

This is a digital copy of a book that was preserved for generations on library shelves before it was carefully scanned by Google as part of a project to make the world's books discoverable online.

It has survived long enough for the copyright to expire and the book to enter the public domain. A public domain book is one that was never subject to copyright or whose legal copyright term has expired. Whether a book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may vary country to country. Public domain books are our gateways to the past, representing a wealth of history, culture and knowledge that's often difficult to discover.

Marks, notations and other marginalia present in the original volume will appear in this file - a reminder of this book's long journey from the publisher to a library and finally to you.

### Usage guidelines

Google is proud to partner with libraries to digitize public domain materials and make them widely accessible. Public domain books belong to the public and we are merely their custodians. Nevertheless, this work is expensive, so in order to keep providing this resource, we have taken steps to prevent abuse by commercial parties, including placing technical restrictions on automated querying.

We also ask that you:

- + *Make non-commercial use of the files* We designed Google Book Search for use by individuals, and we request that you use these files for personal, non-commercial purposes.
- + Refrain from automated querying Do not send automated queries of any sort to Google's system: If you are conducting research on machine translation,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r other areas where access to a large amount of text is helpful, please contact us. We encourage the use of public domain materials for these purposes and may be able to help.
- + *Maintain attribution* The Google "watermark" you see on each file is essential for informing people about this project and helping them find additional materials through Google Book Search. Please do not remove it.
- + *Keep it legal* Whatever your use, remember tha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what you are doing is legal. Do not assume that just because we believe a book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for us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 work is also in the public domain for users in other countries. Whether a book is still in copyright varies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nd we can't offer guidance on whether any specific use of any specific book is allowed. Please do not assume that a book's appearance in Google Book Search means it can be used in any manner anywhere in the world.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can be quite severe.

#### **About Google Book Search**

Google's mission is to organize the world's information and to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 Google Book Search helps readers discover the world's books while helping authors and publishers reach new audiences. You can search through the full text of this book on the web at http://books.google.com/



#### Über dieses Buch

Dies ist ein digitales Exemplar eines Buches, das seit Generationen in den Regalen der Bibliotheken aufbewahrt wurde, bevor es von Google im Rahmen eines Projekts, mit dem die Bücher dieser Welt online verfügbar gemacht werden sollen, sorgfältig gescannt wurde.

Das Buch hat das Urheberrecht überdauert und kann nun öffentlich zugänglich gemacht werden. Ein öffentlich zugängliches Buch ist ein Buch, das niemals Urheberrechten unterlag oder bei dem die Schutzfrist des Urheberrechts abgelaufen ist. Ob ein Buch öffentlich zugänglich ist, kann von Land zu Land unterschiedlich sein. Öffentlich zugängliche Bücher sind unser Tor zur Vergangenheit und stellen ein geschichtliches, kulturelles und wissenschaftliches Vermögen dar, das häufig nur schwierig zu entdecken ist.

Gebrauchsspuren, Anmerkungen und andere Randbemerkungen, die im Originalband enthalten sind, finden sich auch in dieser Datei – eine Erinnerung an die lange Reise, die das Buch vom Verleger zu einer Bibliothek und weiter zu Ihnen hinter sich gebracht hat.

#### Nutzungsrichtlinien

Google ist stolz, mit Bibliotheken in partnerschaftlicher Zusammenarbeit öffentlich zugängliches Material zu digitalisieren und einer breiten Masse zugänglich zu machen. Öffentlich zugängliche Bücher gehören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wir sind nur ihre Hüter. Nichtsdestotrotz ist diese Arbeit kostspielig. Um diese Ressource weiterhin zur Verfügung stellen zu können, haben wir Schritte unternommen, um den Missbrauch durch kommerzielle Parteien zu verhindern. Dazu gehören technische Einschränkungen für automatisierte Abfragen.

Wir bitten Sie um Einhaltung folgender Richtlinien:

- + *Nutzung der Dateien zu nichtkommerziellen Zwecken* Wir haben Google Buchsuche für Endanwender konzipiert und möchten, dass Sie diese Dateien nur für persönliche, nichtkommerzielle Zwecke verwenden.
- + *Keine automatisierten Abfragen* Senden Sie keine automatisierten Abfragen irgendwelcher Art an das Google-System. Wenn Sie Recherchen über maschinelle Übersetzung, optische Zeichenerkennung oder andere Bereiche durchführen, in denen der Zugang zu Text in großen Mengen nützlich ist, wenden Sie sich bitte an uns. Wir fördern die Nutzung des öffentlich zugänglichen Materials für diese Zwecke und können Ihnen unter Umständen helfen.
- + Beibehaltung von Google-Markenelementen Das "Wasserzeichen" von Google, das Sie in jeder Datei finden, ist wichtig zur Information über dieses Projekt und hilft den Anwendern weiteres Material über Google Buchsuche zu finden. Bitte entfernen Sie das Wasserzeichen nicht.
- + Bewegen Sie sich innerhalb der Legalität Unabhängig von Ihrem Verwendungszweck müssen Sie sich Ihrer Verantwortung bewusst sein, sicherzustellen, dass Ihre Nutzung legal ist. Gehen Sie nicht davon aus, dass ein Buch, das nach unserem Dafürhalten für Nutzer in den USA öffentlich zugänglich ist, auch für Nutzer in anderen Ländern öffentlich zugänglich ist. Ob ein Buch noch dem Urheberrecht unterliegt, ist von Land zu Land verschieden. Wir können keine Beratung leisten, ob eine bestimmte Nutzung eines bestimmten Buches gesetzlich zulässig ist. Gehen Sie nicht davon aus, dass das Erscheinen eines Buchs in Google Buchsuche bedeutet, dass es in jeder Form und überall auf der Welt verwendet werden kann. Eine Urheberrechtsverletzung kann schwerwiegende Folgen haben.

### Über Google Buchsuche

Das Ziel von Google besteht darin, die weltweiten Informationen zu organisieren und allgemein nutzbar und zugänglich zu machen. Google Buchsuche hilft Lesern dabei, die Bücher dieser Welt zu entdecken, und unterstützt Autoren und Verleger dabei, neue Zielgruppen zu erreichen. Den gesamten Buchtext können Sie im Internet unter http://books.google.com/durchsuchen.





D 20 .W3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1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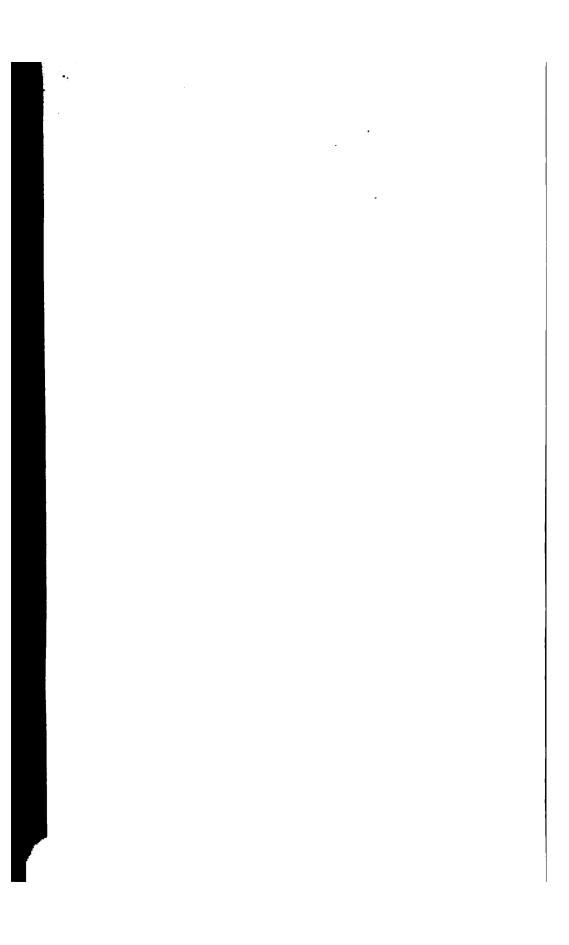

# 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3mölfter Banb.

Bus Lecht der englischen und frangorischen Arbersetzung behalt sich der Berleger vor.

### Allgemeine

# Weltgeschichte

mit besonderer Berudfichtigung

be 8

# Geiftes- und Culturlebens ber Bölfer und mit Bennsung ber neueren 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en

für bie gebilbeten Stänbe bearbeitet

Dr. Georg Weber.

3wölfter Band.

Zeiprig,

Berlag von Wilhelm Engelmann.

1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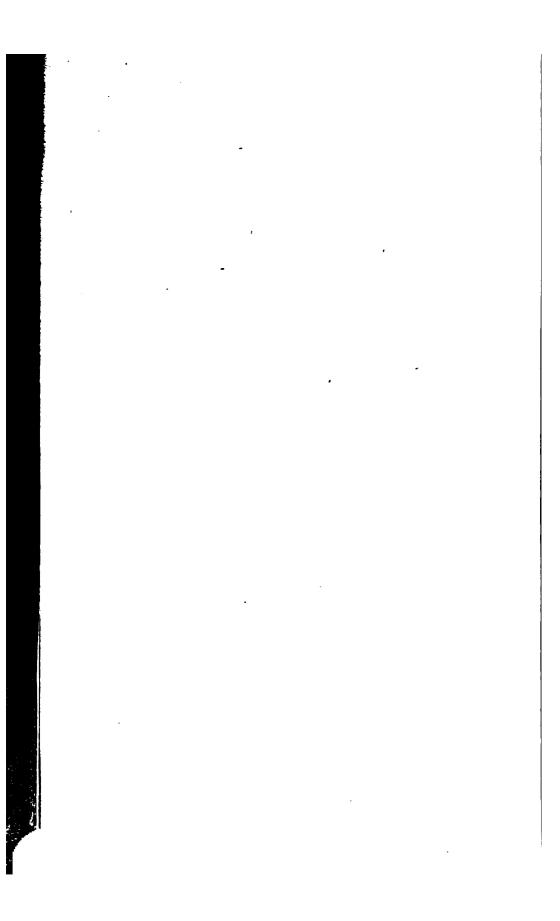

### Das Zeitalter

MICHIGAN ON

ber

## unbeschränkten Fürstenmacht

im

siebenzehnten und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Bon

Dr. Georg Weber.

**Xeipzig,** Berlag von Bilhelm Engelmann.

1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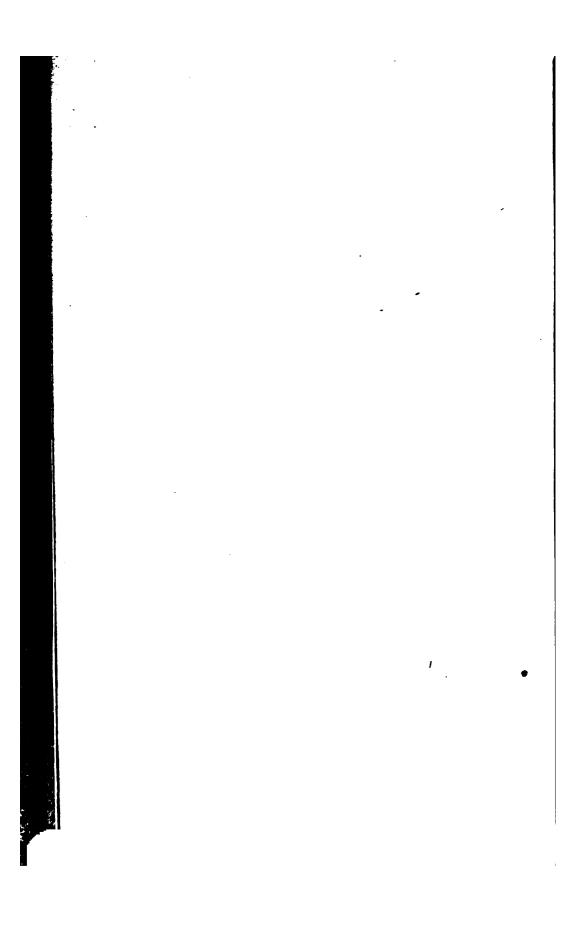

### Inhaltsverzeichniß.

|                                                                                                                     | Geite      |
|---------------------------------------------------------------------------------------------------------------------|------------|
| Das Zeitalter ber unbeschränkten Fürstenmacht im siebenzehnten und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            |
| A. Frankreich nach Heinrichs IV. Tod                                                                                |            |
| Literatur                                                                                                           | _          |
| I. Die Regentschaft Maria von Wedicis                                                                               | 2          |
| 1. Reue Barteiungen                                                                                                 | 13         |
| II. Ludwig XIII. und Cardinal Richelieu                                                                             | <b>26</b>  |
| II. Ludwig XIII. und Cardinal Richelieu                                                                             | 38         |
|                                                                                                                     |            |
| III. Die Regentschaft der Königin Anna und Ludwigs XIV. Anfänge                                                     | 60         |
| a) Rampi der confitutiven Gewalten gegen die Konigsmacht                                                            | 60         |
| b) Mazarin und die Kriege der Fronde                                                                                | 79         |
| B. Das britische Reich unter ben ersten Stuarts und als Republik                                                    |            |
|                                                                                                                     |            |
| L Die Regierung König Jacobs I.                                                                                     | 01         |
| 1. Pationale und kirchliche Opposition. Die Rulperperschmärung                                                      | _          |
| 2. Stellung jum Ausland. Der fpanische Beirathsplan                                                                 | 99         |
| 2. Stellung jum Ausland. Der spanische Deirathsplan                                                                 | 107        |
| II. König Karl I. und die englische Thronumwälzung                                                                  | 112        |
| 1. Karl's I. Regierung bis zu Buclinghams Ermordung                                                                 |            |
| 2. Die Regierung ohne Parlament                                                                                     | 124        |
| 4. Das lange Parlament und der Bürgertrieg                                                                          | 150        |
| a) llebermacht der Opposition und Strassords Untergang                                                              | _          |
| a) liebermacht der Opposition und Strassords Untergang b) Lage und Parteistellung bis zum Ausbruch des Bürgerkriegs | 158        |
| c) Der Bürgerfrieg in den zwei ersten Sabren                                                                        | 165        |
| d) Der Puritanismus und die religiöse Erregtheit der Zeit                                                           | 175        |
| 5. Parls I Museana                                                                                                  | 190        |
| 5. Karls I. Ausgang                                                                                                 |            |
| b) König Karl I. und Oliver Cromwell                                                                                | 195        |
|                                                                                                                     |            |
| III. Republit und Restauration in England                                                                           | 208        |
| 1. Das englische Gemeinwesen und Oliver Cromwells Protectorschaft                                                   |            |
| a) Cromwells trieg. Erfolge u. Englands polit. u. maritime Machtftellung<br>b) Berfassung und Parteitämpse.         | 999        |
| a) Sliper Grammella lekte Regierungszeit und Musiagna                                                               | 230        |
| 2. Swei Zahre staatlicher Berrüttung                                                                                | 239        |
| 2. 8 wei Jahre faatlicher Berrittung                                                                                |            |
| b) Volitische Irrgänge                                                                                              | 246        |
| 3. Das erfte Sahr der Restauration                                                                                  | 201<br>255 |
| IV. Englische Biffenschaft und Dichtfunft im fiebenzehnten Jahrhundert                                              |            |
| 1. Nacon Sahbes Remton                                                                                              | 263        |
| 1. Bacon, Hobbes, Rewton                                                                                            | 272        |

### Inhaltsverzeichniß.

|                                                                                                                                                                                                          | Crite        |
|----------------------------------------------------------------------------------------------------------------------------------------------------------------------------------------------------------|--------------|
| C. Die phrenäische und die apenninische Halbinsel                                                                                                                                                        | 284          |
| I. Spanien und Bortugal im flebenzehnten Kahrhundert                                                                                                                                                     | 985          |
| 1. Das fpanifche Reich unter Ronig Bbilipo IV.                                                                                                                                                           | _            |
| 2. Portugals Losreißung von Spanien                                                                                                                                                                      | 293          |
| 3. Portugal unter Sohann IV. und Alfonso VI                                                                                                                                                              | 299          |
| 1. Das spaussche Reich unter König Shilipp IV. 2. Bortugals Losreißung von Spanien 3. Bortugal unter Sohann IV. und Alsonso VI. 4. Ausbau des Königthums unter Bedro II. 5. Spanien unter König Karl II. | 308          |
| II. Italien und Sicilien                                                                                                                                                                                 | 912          |
| II. Stalien und Sicilien                                                                                                                                                                                 | 317          |
| 2. Yas Grobbergogibum Loscana'                                                                                                                                                                           | 321          |
| 3. Ober-Italien                                                                                                                                                                                          | 323          |
| 4. Reapel und Sicilien unter spanischer herrschaft                                                                                                                                                       | 326          |
| 5. Die Republik Benedig und die Türkenkriege                                                                                                                                                             | 346          |
| D. Das Zeitalter Ludwigs XIV                                                                                                                                                                             | 349          |
| Geschichts-Literatur                                                                                                                                                                                     | _            |
| I Wie ersten Lahre her Selhsthereschaft                                                                                                                                                                  | 251          |
| I. Die ersten Jahre der Selbstherrschaft                                                                                                                                                                 | - 100        |
| 2. Die neue Aera in Borbereitung                                                                                                                                                                         | 359          |
| II. Frankreich, die fpanischen Rieberlande u. Die Generalftaaten von Solland.                                                                                                                            | 365          |
| 1. Die Seemächte und die frangofische Bolitit                                                                                                                                                            | 272          |
| 3. Ludwigs Rriegspolitik gegen Golland                                                                                                                                                                   | 378          |
| 4. Der hollandische Arieg und die Grauelstene im Daag                                                                                                                                                    | 384          |
| 5. Erweiterung des Rriegs. Der erfte Coalitionstrieg gegen Ludwig XIV .                                                                                                                                  | 389          |
| 6. Fehrbellin. Sasbach. Ahmweger Frieden                                                                                                                                                                 |              |
| III. Frankreich im Innern Die monarch. Selbstherrlichkeit Lubwigs XIV. u. ber hof von Berfailles.                                                                                                        | 398          |
| 2. Rirdlide Borgange                                                                                                                                                                                     | 406          |
| 2. Kirchliche Borgange                                                                                                                                                                                   | _            |
| b) Ludwig XIV. und der papstliche Stuhl                                                                                                                                                                  | 410          |
| c) Aufhebung des Edikts von Nantes und Sugenottenverfolgungen                                                                                                                                            | 412          |
| e) Ausgang bes Janseniftifchen Streits und ber Quietismus                                                                                                                                                | 422          |
| E. Die letten Sahrzehnte bes fiebenzehnten Jahrhunderts                                                                                                                                                  |              |
| I. Ludwigs XIV. Gewaltherrschaft                                                                                                                                                                         |              |
|                                                                                                                                                                                                          |              |
| II. Desterreich, Ungarn und die Türkei                                                                                                                                                                   | 433          |
| Literatur  1. Siebenbürgen und die Pforte  2. Sankt Gotthardt und der Friede von Basvar  3. Aufkände und Reaction in Ungarn                                                                              | _            |
| 2. Santt Gotthardt und der Friede von Basvat                                                                                                                                                             | 443          |
| 3. Aufftande und Reaction in Ungarn                                                                                                                                                                      | 446          |
| 4. Graf Tötöliy und die Türken vor Wien.<br>5. Habsburgs Siege und Gewaltherrschaft in Ungarn                                                                                                            | 451          |
| 6. Das Osmanenteich im Sinken und der Friede von Carlowif                                                                                                                                                | 457          |
| III. Das englifche Reich unter ben zwei letten Stuarts und Bilbelm III.                                                                                                                                  |              |
| Gefcichte-Literatur                                                                                                                                                                                      |              |
| 1. Die erfte Regierungszeit Rarls II, bis zu Clarendons Sturg                                                                                                                                            | 463          |
| 2. Das Cabal-Ministerium und die Testatte 3. Der König und die 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 . 472        |
| 3. Det König und die 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 481          |
| 4. Aufgeregtes Staatsleben. Whigs und Tories                                                                                                                                                             | . 496<br>500 |
| 5. Karls II. leste Regierungszeit und Ausgang 6. Jacob II. und die Aufstände in England und Schottland 7. Katholische Reactionspolitik 8. Testeid und Gewissensfreiheit.                                 | . <b></b>    |
|                                                                                                                                                                                                          | . ou:        |
| 7. Ratholische Reactionspolitik                                                                                                                                                                          | . 52¢        |

| Inhalteverzeichnes.                                                                                                                                               | IX             |
|-------------------------------------------------------------------------------------------------------------------------------------------------------------------|----------------|
| 9. Die Revolution vom Jahre 1688                                                                                                                                  | Geite<br>540   |
| a) Die Landung Bilhelms von Oranien in England                                                                                                                    | . 548          |
| c) Die neme Staatsordnung.<br>d) Die Schilderhebungen der Rohalisten und Katholiten in Schottla                                                                   | and            |
| und Irland                                                                                                                                                        | . 566          |
| IV. Frankreich und die neue europäische Coalition                                                                                                                 |                |
| 2. Die Augeburger Lique und der Streit im Ergftift Roln                                                                                                           | . 579          |
| 3. Der Orleans sche Krieg in der Pfalz                                                                                                                            |                |
| V. Der Rorben und Rorbosten Europa's                                                                                                                              |                |
| 1. Der brandenburgisch-preußische Staat unter dem großen Aurfürsten i<br>König Friedrich I.<br>1. Die Lage vor und nach dem westfülischen Frieden. Innere Landest | ınb            |
| waltung                                                                                                                                                           | . —            |
| a) Det polntifote Arieg                                                                                                                                           | —              |
| 3. Die Souveranetat in Preußen                                                                                                                                    | . 615          |
| 4. Die schwedischen Feldzüge in den flebenziger Jahren 5. Die lehten Lebensjahre des großen Kurfürsten                                                            | . 626          |
| 6. Rönig Friedrich I                                                                                                                                              | . 636          |
| 1. Schweden unter der Ronigiu Chriftine                                                                                                                           | . 641          |
| 3. Danemart und Rorwegen                                                                                                                                          |                |
| 2. Die dänische Revolution vom Sahre 1660                                                                                                                         | . 653<br>. 657 |
| 4. Bolen und Sachsen                                                                                                                                              | . 661          |
| 2. Johann Sobiedth und Angust II. von Sachsen                                                                                                                     | . 668          |
| 5. Rusland unter dem Saufe Romanow                                                                                                                                | . 680          |
| 2. Bar Beodor und die Regentin Sophia                                                                                                                             | 686            |
| F. Literatur und Geistesleben                                                                                                                                     |                |
| Literarifche Bulfsmittel                                                                                                                                          |                |
| I. Frankreichs Massische Literatur                                                                                                                                | · -            |
| 2. Die französische Academie und das Drama                                                                                                                        | . 702          |
| 3. Boilean. Lafontaine. Fenelon                                                                                                                                   | 712            |
| 5. Biffenschaft und Kunft                                                                                                                                         | 716            |
| II. Philosophie                                                                                                                                                   | 731            |
| III. Deutsche Biffenschaft und Dichtung                                                                                                                           | . 734          |
| 1. Allgemeines                                                                                                                                                    | 736            |
| 3. Martin Opis und die Aunkbichtung feiner Beit                                                                                                                   | 752            |
| 5. Epigramm. Sathre. Brofadichtung                                                                                                                                | . 759          |

### Inhalteverzeichniß.

|                                                                              | <b>~</b> |
|------------------------------------------------------------------------------|----------|
| 6. Dramatifche Dichtung. Grophius. Die zweite fchleffische Schule            | Ente     |
| 7. Diamarique Digitaly, Sippoins. Die gweite fyiespie Cynie                  | 774      |
| 7. Reue Richfungen                                                           | 779      |
|                                                                              |          |
| G. Das achtzehnte Sahrhundert in den vier ersten Sahrzehnten                 | 775      |
| Geschichteliteratur                                                          |          |
| I. Der fpanische Erbfolgetrieg                                               | 776      |
| 1. Det ipunique etologisticity                                               | 110      |
| 1. Borgeschichte                                                             | =        |
| 2. Die drei erften Ariegejahre                                               | 793      |
| 3. Bon Dochftadt bis Dalplaquet                                              | 802      |
| 4. Umfcmung und Friedensichluffe                                             |          |
| II. Der große nordische Arieg                                                | 829      |
| 1 Parl XII in Banemart Ralen und Sachlen                                     |          |
| 9 Bultomo unh Renher                                                         | 941      |
| 2. Bultawa und Bender                                                        | 840      |
| o. Mutto All. Musquing.                                                      | 020      |
| III. Das fübliche u. das weftliche Europa nach dem fpanifchen Erbfolgefrieg. | 853      |
| 1. Frantreich                                                                |          |
| a) Ludwigs XIV, Ausgang                                                      |          |
| b) Die Regentschaft bes Bergogs von Orleans                                  | 858      |
| 2. Spanien unter bem erften Bourbon                                          | 866      |
| 3 Stalien                                                                    | 872      |
| 4 Renedig und die Turfenfriege                                               | 879      |
| 3. Italien                                                                   | 885      |
| 8. Arabhritannien                                                            | 880      |
| 6. Großbritannien                                                            | 603      |
|                                                                              |          |
| IV. Der Rorden und Rordosten nach Karls XII. Tod                             | 896      |
| 1. Der Staatsstreich in Stockholm und seine Folgen                           | _        |
| 2. Beter der Große in der zweiten Beriode und seine Rachfolger               | 899      |
| a) Schöpfungen und Charafter des Baren                                       | _        |
| b) Rugland unter Beters Nachfolgern                                          | 904      |
| 3. Polen und Stanislaus Lesezinsti                                           | 913      |
| 4. Der öfterreichisch-ruffifche Turtentrieg und ber Belgraber Frieden        | 919      |
|                                                                              |          |
| V. Preußen und das deutsche Reich                                            | 922      |
| Geschichteliteratur                                                          |          |
| 1. Preußen unter Konig Friedrich Bilbeim 1. und Friedrichs des Großen        |          |
| Sugend                                                                       | 923      |
| 2. Das Reich und die deutschen Fürstenthümer                                 | 935      |
| a) Allgemeines                                                               | _        |
| a) Allgemeines                                                               | 938      |
| c) Bürtemberg und Baiern                                                     | 947      |
| - d) Sachlen und Braunschweig-Bannover                                       | 958      |
| 3. Rirchliche und religiose Beitrichtungen                                   | 965      |
| 4. Bewegungen auf dem Gebiete ber Literatur                                  | 974      |
| 1. Allgemeines                                                               |          |
| 1. Allgemeines                                                               | 978      |
| 2. www/                                                                      | 0        |

### Berbefferung:

- S. 216 3. 15 v. u. ju ftreichen: Cromwells Geburtstag.
- S. 237 3. 20 b. u. statt: an feinem Geburtstage ju seben: am 3. September, dem Lage seiner Siege bei Dunbar und Worcester.

Bugleich fpricht ber Berf. bem herrn Fr. v. B. in Dresben, ber ibn in fo freundlicher Beife auf bas Berfeben aufmertfam gemacht hat, feinen verbindlichsten Dant aus.

### A. Franfreich nach Heinrichs IV. Tod.

Literatur. Die in Bb. X, 2 und Bb. XI, 374 aufgeführten größeren Bucher über bie Befchichte Frantreichs im 16. Jahrh. erftreden fich guten Theils auch über bas 17. Jahrh. So die Berte von Benri Martin, Jul. Michelet, DR. C. Darefte, C. M. Schmidt B. v. Rante, Fr. v. Raumer, Gauffer Dnden, Die Monographien von Guigot über bie frang. Gefdichte u. M. - Fur die Beriode, die in dem nachftebenden Abichnitt gur Darftellung tommt, find neben ben Memoiren von d' Etrées, Baffompierre, Montrefor, Bont. chartrain, Rohan, Duc d'Orleans u. a. von besonderer Bichtigfeit: Grammondi historiarum Galliae ab excessu Henr. IV. libri XVIII, Tolosae 1643. fol. — Le Vassor, hist. de Louis XIII. ed. 3. Amst. 1701. 10 voll. 8. — Vie de Marie de Medicis. 1774. 3 voll. Lottin v. Laval, Maria v. Reb. D. v. M. Schafer. Deib. 1835. 2 voll. — Histoire de la mère et du fils par F. E. de Mézéray (ober richtiger von Richelieu selbst) Amst. 1730, 2 voll. und dazu: Mémoires (Journal) du Card. de Richelieu in der Collect. de Petitot. Par. 1823. t. X ff. — Hist. de Louis XIII par Dupleix (Par. 1643) und par Bernard (Par. 1646), beibe in Fol. - Hist. du regne de Louis XIII. par M. de Bury Par. 1768. 4 voll. 12. — Bazin, hist. de Fr. sous L. XIII. Par. 1838. 8. — -

lleber Richelieu: Aubery, histoire du Card. Duc de Rich. Paris 1650. fol. und dazu von demfelben Autor: Mémoires pour l'hist. du Card. Duc de Rich. (1635-42.) Par. 1660. 2 voll. — Le Clerc, vie du Card. de R. Amst. 1753. 5 voll. 12. - Jay, hist. de Rich. 1816. 2 voll. - Avenel, Lettres, instr. cet. du Card. de R. Par. 1853, 3 voll. — Capefigue h. de Rich. 1835, ff. — Martineau (Aimé) Le card. de Rich. Par. 1870. — Ueber die Sugenotten die in Bb. XI. p. 374 angeführten Schriften, besonders die hist. de l' Edit de Nantes von Benoit. Dazu noch: Soulier, hist. du Calvinisme cat. Paris 1686. 4. Bentivoglio relazioni cet. Colon. 1630. (Chabans) hist. de la guerre des Hug. cet. Paris 1634. 4. (Rhulières) Eclaircissements historiques sur les causes de la revocat. de l'Edit de Nantes cet. 1788. 2 voll. 8. J. Quick, Synodicon in Gallia reform. etc. Lond. 1692. 2 voll. f. — Puyot (Abbé) Louis XIII. et le Béarn cet. Par. 1872 — Perrens l'église et l'état en France sous Henri IV. et Marie de Med. Par. 1873. 2 voll. – Neber die Zeit der Fronde und Ludwigs XIV. minderjährige Regierung: (Mailly) L'Esprit de la Fronde cet. Paris 1772. 5 voll. 12: St. Aulaire h. des guerres de la Fronde. Par. 1827. 3 voll. Auch Deutsch: Leipzig 1827. Die lettere Schrift hat jur Unterlage bie gahlreichen Demoiren ber in die Begebenheiten und Intriguen verflochtenen Perfonlichteiten wie Res, Joly, Larochefoucauld, Bergogin von Remours (Lonquebille), Lalon (Parlamenterath), Montglat, Bergog bon Bouillon, Lavannes, Rochefort, Madame be Motteville (Reue Ausgabe 1814—16) u. a. m. Freer, the regency of Anne of Austr. Lond. 1866. 2 voll. — Gal. Gualdo Priorato hist. du ministère du Card. Mazarin. à la Haye 1681. 2 voll. — Coste hist. de L. de Bourb. II. prince de Condé. La Haye 1738, 2 voll. 4. — Desormeaux hist. de L. de Bourb. Pr. de Condé. Par. 1766-68. 4 voll. 4. - Ramsay hist. du Vicomte de Turenne. Par. 1735 2 voll. 8. Raguenet, hist. du Vicomte de Tur. à la Haye 1738. 2 voll. n. a. 28.

### I. Die Regentschaft Marias von Medicis.

### 1. Neue Parteiungen.

Meramberte

Dem ersten Bourbonischen Ronig war die große Mission zugefallen, bas unter ben Balois der Auflosung nabe gebrachte frangofische Reich durch bie 3bee ber Erbmonarchie, bes legitimen Ronigthums aufzurichten, ju ftarten und jur europaischen Großmacht ju erheben. Seine Aufgabe mußte es baber fein, im Innern die einander widerftrebenden Elemente zu verföhnen und ihre Thatigleit zu einem gemeinsamen Biele zu bereinigen, nach Außen ber fpanisch - öfterreichischen Weltmacht einen Gegensat zu schaffen, fraftig genug, bas politifche Uebergewicht ber Sabsburger in gewiffen Schranten au halten. Bu bem Ende hatte Beinrich IV. die Calviniften durch bas Edikt von Nantes in ihren religiöfen und politifchen Rechten ficher geftellt, hatte er ben Abel burch Gunft ober Strenge jur Anertennung ber foniglichen Autoritat und jum Geborfam gegen Gefet und Obrigteit genothigt, batte er burch Sparfamteit und geordneten Staatshanshalt ber Rrone eine feste materielle Unterlage gegeben, hatte er Schritte gethan, ber fpanifch-ofterreichischen Uebermacht mit ben Baffen entgegenzutreten, hatte er gegenüber bem aggressiven Borgeben ber jesuitisch shierarchischen Eroberungspolitit bes Romanismus die Fabne der Gewiffensfreiheit und Tolerang anfgepflangt. Alle diefe Ibeen und Tenbengen maren in Thatigleit, waren in bem ftetigen Bang gur Berwirklichung begriffen; um fie aber ficher hinauszuflihren, ihnen Die organische Bollenbung ju geben, bagu batte es bes traftigen Armes und bes ftarten Billens, die fie ins Wert gefet, noch auf eine lange Reihe von Sahren bedurft. Mit Beinrichs IV. Leben wurden auch feine Schöpfungen gerschmitten. Das Bervortreten aller biefer Ractoren und Elemente zu eigenwilliger Entfaltung, ber Biderftreit der aus ihrer bisherigen Gebundenheit fich befreienden Rrafte ber Opposition unter einander und wider das noch taum befestigte Ronigthum bilbet bas geschichtliche Leben in ben nachsten Jahren nach Beinrichs IV. Ermorbung. Gein Gobn Ludwig fand erft im gehnten Sahre feines Alters, es mußte baber eine Regentschaft bestellt werden.

Die Regent=

Bie uns aus der Geschichte ber Sohne Beinrichs II. befannt, maren fdaft Was bie nachsten Ugnaten der Ronigsfamilie nach Gesetz und Herkommen berechs Mebleie tigt, bas interimiftische Gerrscheramt in die Hand zu nehmen; aber wie bei bem Tobe Frang II. Catharina von Medicis fich die vormundichaftliche Regierung anqueignen wußte, fo bewirften jest die Mitglieder des Confeils und mehrere einflugreiche Abelshäupter, vor Allen Die Minister Jeannin und Billeroi, die Bergoge von Epernon und Guife, daß gestütt auf den Borgang bei Rarls IX. Thronbesteigung bas Barlament auf den Bunfc bes jungen Ronigs feiner Mutter Maria von Redicis bie Regentschaft und Bor-

mundschaft bis zur Bolljährigfeit Ludwigs XIII. übertrug. Als ber Pring bon Condé von Mailand berbeitam, um feine Anspruche geltend zu machen (XI, 496), fand er das neue Regiment bereits eingerichtet. Es blieb ibm und seinem Oheim bem Grafen von Soiffons nichts übrig, als burch tevolutionare Umtriebe, wie jener fie ichon in Bruffel begonnen, ber Regierung Dpposition zu machen und fie nicht zu einem fraftigen genicherten Dafein tommen au laffen. 3mar bie Gultigteit ber Che Marias von Medicis und die legitime Thronberechtigung Budwigs magte ber Pring nicht langer gu bestreiten, ba er bon Rom aus belehrt worden war, daß bie Che unter ber Santtion ber Rirche abgeschloffen worden und ihre Gultigfeit über jeben Bweifel erhaben fei; aber er wollte bie Leitung der öffentlichen Angelegenheiten in feiner Band haben, im Staatsrath bas gebietende Bort fprechen, Die Ronigin - Regentin nothigen, fich nach feinem Billen gu richten, feiner Politit und feiner unbegrengten Chrfucht ju bienen. Er mochte hoffen, bie spanische Regierung, die fich ibm in Bruffel fo entgegenkommend gezeigt, bie feine Gemablin trot ber Drohungen bes leibenschaftlich verliebten Ronigs Beinrich IV. wie gegen ihren eigenen Billen und ben Buufd ihres Baters in ben Niederlanden gurudgehalten, wurde auch ferner auf feiner Geite fteben; allein Philipp III. fand eine Familienverbindung, wie Maria von Medicis fle im Auge hatte, ben habsburgischen Intereffen mehr zusagend; ohne ben ehrgeizigen Absichten des Prinzen geradezu feindselig entgegenzutreten, begunftigte ber Madriber Bof bod in erfter Linie bie Beirathspolitit ber frangöfischen Regentin. Es murde verabredet, daß der junge Ronig mit der altesten Infantin Donna Anna, seine alteste Schwester, Elisabeth be France mit Don Philipp, Prinzen von Spanien vermählt werden follte, eine Doppelebe, Die für die bynaftischen und politisch-religiösen Tendengen ber habsburgischen Großmacht febr-forberfam werben tonnte.

Allein mochte dem Prinzen von Sonde auch der spanische Beistand ab. Opposition gehen; er fand in Frankreich selbst noch Elemente des Widerstandes genug baupter. vor, an die sich sein unruhiger Sprigeiz anlehnen konnte. Bur Zeit der Ligue war das französische Königthum der Auslösung nahe gebracht worden, die sewalten hatten sich von der monarchischen Autorität fast ganz unabhängig gemacht; die alten Zeiten donastischen Selbstherrlichkeit schienen zurückzesehrt. Kur einem so kraftvollen und zugleich so volksthümlichen König wie Heinrich IV. konnte es gelingen, den unbotmäßigen Herrenstand zu bandigen oder zu versöhnen, der Krone Macht und Souveränetät zurückzugeben. Wir wissen an dem Beispiel von Biron (XI, 491), das der König selbst zu Hinrichtungen schreiten mußte. Bis an sein Zebensende war die Aufrichtung der königlichen Autorität sein wichtigstes Anliegen gewesen. Mit seinem Tode zerrissen die Bande, durch die er mit sester Hand die widerstrebenden Geister zusammengehalten hatte; die alten Unabhängigseitsgelüste regten sich wieder

bei ben Abelsgeschlechtern; die Maguaten, insbesondere die fürftlichen Baupter alter herrichaftlicher Baufer, Die auch meiftens Die Bouverneurstellen ber Provinzen inne hatten, wünschten für Frankreich abnliche Buftande wie fie in Deutschland herrschien : felbstandige Landesfürsten, die das Reichsoberhaupt wahlten und beffen Gewalt burch Bertrage in enge Grenzen einschloffen; eine fürftliche Autonomie, wie fie aur Beit ber Lique fo manchen Großen vor der Seele fand, war auch jest noch das Ziel der Sehnsucht ehrsüchtiger Feudalherren. Aus diesen Rreisen erhoben sich die unruhigen Aristokratenhäupter, welche über zwei Sabrzehnte bas geschichtliche Leben Frankreichs bestimmten, balb für balb gegen die Rrone unter ben Baffen ftanben, jebe gefetliche Ordnung und obrigfeitliche Autorität burchbrachen und labmten und ftets ihre felbstfuchtigen 3wede über die nationale Boblfahrt stellten. Richt nur die Pringen von Geblut, die Condé, Soiffons u. a., auch die Glieder bes Buifefchen Baufes, machtig burch ihre Schate und burch einflugreiche Familienverbindungen, auch die Bergoge von Bouillon, von Revers, von Epernon suchten die zerfahrenen Bustande unter der schwachen weiblichen Regentichaft zu ihrem Bortheile zu benuten, durch Erot und aufruhrerische Umtriebe ihre Machtstellung und ihre Einkunfte zu mehren, oder auch ihren haß und ihre Rachsucht zu befriedigen. Ram es boch vor, daß ber Chevalier be Guife einen ehemaligen Anhanger des Hauses, ben Baron de Luz, der die Bartei gewechselt, mit den Baffen anfiel und todtete, ohne daß man gewagt batte, ibn gur Strafe au gieben.

Die Bugenots tifche Union.

Und nicht blos die Ariftotratenhaupter suchten die monarchische Gewalt und bie einheitliche Reichshoheit ju fowachen und ju labmen; auch die Sugenotten trachteten bewußt und unbewußt nach demfelben Biel und ließen fich nicht felten bon den felbstfüchtigen Großen in ihr unruhiges Treiben verflechten. Abelshäupter nach ber Autonomie bes beutschen Landesfürftenthums ftrebten, fo fcmebte den Sugenotten die hollandifche Bundesrepublit bor Augen. Durch das Soitt von Rantes mit großen Freiheiten und Brivilegien ausgestattet, im Befite eigener Festungen und Sicherheitsorte, eigenen Militars, eigener politischer Bertreter am Bofe und bei der Regierung, bildeten die Reformirten Frankreichs eine Art Staat im Staate. Mit ber bem Calvinismus eigenthumlichen prattifchen Organisationsgabe hatten fie Ginrichtungen geschaffen, worin religiose, firchliche und politifche Elemente gefchidt berflochten waren. Babrend fie auf Grund der Genfer Rirdenverfaffung (X, 640) für ihre inneren Angelegenheiten, für ihr tirchliches und religiofes Leben regelmäßige Berfammlungen anordneten, die bon der Bemeindeseffion oder dem Confistorium, durch Colloquien (Presbyterien) oder Rreisverfammilungen ju den Provinzialfpnoden und endlich jur Generalfpnode in gefebmaßiger Glieberung aufftiegen; richteten fie jugleich fur ihre Beziehungen jum Staat und jur Regierung eine in abnlicher Stufenfolge gegliederte Bertretung ber Sugenottifchen Gefammtheit ein, bon den gamilienbatern in den Gemeinde = und Brobinzialrathen durch die Rreisversammlung zur General Bersammlung fortsichreitend. Hier wurde Berathung gepflogen über alle Anliegen kirchenpolitischer Ratur; hier murbe die Ramenslifte aufgeftellt, aus welcher der Ronig die zwei

reformirten Bevollmächtigten ernannte, die am hofe die Intereffen ber hugenot, tifchen Confoderation mabrien; hier murben über alle Berhaltniffe und Begiehungen jum Staat und jur tatholischen Rirche Befoluffe gefaßt, eine Art Rebenregierung mit Landtagen, burch Bertragsgefete geregelt und fefigeftellt. Rach Art ber romifch fatholifchen Rirchenprovingen hatten fie eine Rreiseintheilung fur bas reformirte Frankreich entworfen, damit die gerftreuten Blieder ber Religionsgenoffenschaft gemeindlich und firchlich jusammengefast und mit ber Gesammtheit in Berbindung gehalten murden. Die Bedurfniffe fur ihre Geiftlichen und Rirchen, beren Bahl fich auf etwa 750 belief, für ihre Schulen, Collegien und Atademien, fowie für die Unterhaltung der Seftungen und Garnifonen mußten fie größtentheils aus eigenen Mitteln bestreiten, boch erhielten fie nicht unbetrachtliche gefetlich normirte Buschuffe bon ber Regierung. Der Rern ber hugenottischen Bevol-terung wohnte in den sudweftlichen und füdlichen Provinzen; Larochelle mar gewiffermaßen die Kauptftadt und bas Bollwert ber calvinifchen Confessionsgemeinschaft, in Montauban, Rimes, Saumur bestanden bobere Anstalten für geift. liche und weltliche Studien; aber auch im Rorden, im Bergogthum Bouillon bildeten die Reformirten eine compatte Maffe, ju der die herzogliche Familie gehörte (XI, 472, 492); die Sauptstadt Sedan befaß eine reformirte Atademie, eine Pflanzicule protestantischen Glaubens in den benachbarten Landicaften. Diefer festgeordneten firchlichen und politischen Organisation entsprach die innere Lebenstraft ber hugenottifden Bebolterung, ihre gefellichaftlichen Buftande, ihre fittlich-religiose Bildung, ihre wiffenschaftliche und literarische Thatigkeit. Berforgung und Berpflegung ber Armen und Rranten murbe mit Umficht und driftlicher Liebe ausgeubt: Bleif, hausliche Bucht und Sparfamteit maren von jeber hervorragende Tugenden ber reformirten Religionsverwandten; ber badurch erzeugte Bohlstand, die burgerliche Ordnung in Saus und Gemeinde, das arbeitfame Leben waren der Gegenftand des Reides der Ratholischen; von der calvinischen Literatur wurde schon früher gesprochen (X, 708 ff.); auch die theologifden Studien fanden Bflege: bon Dupleffis. Mornah ift niehrfach die Rede gemefen; in feinem Saufe als Lehrer feiner Entel lebte einige Beit Daille, spater reformirter Prediger in Paris, deffen Buch "uber ben Gebrauch der Rirdenväter" fowohl wegen feiner inneren Gediegenheit als wegen bes iconen lateis nischen Stils allgemeine Anertennung fand; die Familie Banage aus der Rormandie hat drei Generationen hindurch fraftige Streiter ihres Glaubens in Schrift und Rede geliefert und ber feingebildete, redegemandte Jean Claude mar eine Bierbe und eine Saule bes calvinifchen Gemeinwefens, als icon bie Better der Trubfal und Berfolgung über die Betenner der "fogenannten reformirten Rirche" hereinbrachen.

Auch der Herzog von Sully blieb bis zu seinem Tode dem Glauben Sully und feiner Jugend treu. Wie oft er sich auch mit den Eiserern der Spuode herumstritt, denen sein lager Consessionalismus nicht genügte, die ihm vorwarsen, daß er die Interessen des Königs höher stelle als die der Religion; er hielt an dem katholischen Hofe bei der kirchlichen Fahne fest, unter der er seinem König so lange gedient. Jeht trat aber eine Wendung in seiner Lebensstellung ein. Wir wissen, daß durch seine Steuerreformen und seine weise Staatshaushaltung die Finanzen des Reichs in blühenden Justand gedracht worden; auch König Heinrich IV. war ein guter Haushalter gewesen. Die

Regentin fand daber bei ihrem Regierungsantritt eine gefüllte Staatstaffe. Aber wie balb anderte fich bas! Maria von Medicis theilte nicht bie burgerlichen Reigungen ihres Gemahls: fie liebte Glang und Bracht; auf öffentlichen Aufgligen und in ben Bruntgemachern bes Schloffes überftrablte fie Alles mit ihren Juwelen, mit ihrem Schmud und ihren bornehmen Gemanbern; bas Bergnugen mar ihr Feld, Die Pflege ihrer Schonheit ihre Sauptforge; mit ihrer Bermandten, der früheren Ronigin Catharina von Medicis, batte fie ben Ramilienftolg, Die Berrichsucht, ben Bang zu Intriquen gemein, auch fehlte es ihr nicht an Berftand und in ber Liebe jur Runft und zu feiner Bofbilbung huldigte fie ber Richtung und ben Trabitionen ihres Saufes; aber fie befaß nicht ben icharfen leibenschaftlichen Charafter ihrer Borgangerin, nicht bie bosartige rantefuchtige Ratur. Bahrend Catharina ihre Umgebung beberrichte ober forttrieb, ftand Maria, bei welcher bas italienische Blut ihres Baters burch bas ruhigere ihrer öfterreichischen Mutter gemilbert war, fortwährend unter bem Ginflug einer willensfraftigen Bof-

Galigai und dame von geringer hertunft, Leonore Galigai, die von Jugend auf um fie gewesen und ihre Gebieterin, ber fie von Floreng nach Frautreich gefolgt war, wie mit Bauberbanden an fich gefeffelt hielt. Durch die Galigai erlangte auch ihr Gemahl Concino Concini, ber aus einer angesehenen tostanischen Bürgerfamilie ftammend nach einer wildverlebten Jugend bei ber Ueberfahrt auf derfelben Galeere ihre Sand erworben, bobe Gunft bei Sof, die er gu feiner Bereicherung und ju feinem Bortheil ju nugen wußte. Als er fab, wie die frangofischen Ebelleute fich ihre Dienfte oder ihren guten Billen burch Bahrgelber, Burben und Aemter bezahlen ließen, wie Epernon, der die Proclamation Maria's als Regentin dem Parlamente durch Drohungen abgetropt hatte, mit ber Befehlshaberstelle von Met belohnt ward, ber Graf von Soiffons, damit er fich ruhig verhalte, eine Summe von 200,000 Ecus und eine Benfion bon 50,000 nebft bem Couvernement ber Rormandie empfing, wie die Ronigin dem Bergog von Guife 100,000 Thaler gut Begahlung feiner Schulden gewährte und ihm die Sand ber reichen Bittive bes Bergogs von Montpenfier verschaffte, wie der hohe Adel ein mahres Treibjagen anftellte nach Jahrgelbern, Staatsamtern, Titeln und Chrenftellen: ba blieb auch Concini nicht gurud. Er taufte fich mit bem Belbe ber Ronigin Die Markgrafschaft d'Anere in der Bicardie, er beutete die unbegrenzte Gunft. die Maria feiner Gemahlin und ihm felbst erwies, in fo reichlichem Mage aus, daß er an Aufwand, Lugus und vornehmem Leben in funftgeschmudten Palaften feinem der eingebornen fürftlichen Berren nachstand; er erwarb fich fpater ben Rang eines Marschall von Frankreich, obwohl er nie im Rrieg gewesen mar, und die Burde eines Gouverneurs von Amiens. Diese Berichleuberung ber Staatsgelber und Staatswurden ging bem Minister Sully ju Bergen; er fab ein, bag fein Regiment vorüber fei, bag bas bourbonsche Königthum, bessen Aufrichtung und Befestigung das einzige Ziel seines Lebens gewesen, wieder aus den Fugen gehe, daß sein Berwaltungsund Finanzspstem keine Geltung mehr bei Hof und Regierung sinden würde.
Sehaßt von den Edlen und Günstlingen, die in ihm den Hauptgegner ihrer selbststüchtigen Pläne erblickten, bedroht von seinen Feinden, besonders von Soissons, Bouillon, Concini, bei der Regentin ohne Einsluß, als Hugenotte von der päpstlichen Camarilla am Hof übel angesehen, wie sollte er der herrschenden Strömung widerstehen? Er nahm in einem kurzen stolzen Schreiben an die Königin Abschied von dem "Tempel der Göttin Moneta", verließ Arsenal und Bastille und zog sich auf seine Besitzungen in Poitou Jan. 1811. zurud. Bon seinen Schöpfungen in Paris war bald jede Spur verschwunden.

Dit Gully's Musicheiben und mit ben fpanifchen Beirathsvertragen ging der Ronfelfio-Barifer Bof ju einer andern Bolitit über, als die bon Beinrich IV. ergriffene. richtungen. Die Berbindungen mit den protestantischen Sofen und Regierungen (XI, 803) wurden aufgegeben, die Armee trennte fich nach ber Cinnahme von Milich von dem brandenburgifch - hollandifchen Beere und tehrte nach Baris gurud; ber fpanifch= öfterreichischen Beltherrichaft murbe freie Sand gelaffen; Die ultramontanen Ienbengen, wie fle gur Beit der Lique burch die jefuitifch-fpanifche Propaganda genahrt worden, traten wieder offen und angriffsweise hervor. Die Idee von der Allgewalt bes Papftes murde nicht nur gegen die Reformirten, fondern auch gegen den Ballicanismus verfochten, der bei ber Sorbonne und im Parlamente feine Un-Be mehr durch die Sesuiten Mariana, Bellarmin u. a. (XI. 29, 30) die Lehre von der papftlichen Autorität auf die Spipe gestellt mard, besto scharfer betonte die Sorbonne, befonders ihr damaliges Saupt, der redegewandte carafterfefte Edm. Richer, die rohaliftifc gallicanifden Prinzipien und fcrieb die höchfte Macht in firchlichen Dingen nicht bem Papfte, fonbern ber Rirche felbft in ihren großen bierarcifden Ordnungen ju; nicht dem fichtbaren Oberhaupte und Borfteber der Kirche, fondern den allgemeinen Concilien wohne Die Infallibilitat bei. Maria von Medicis mar dem Rirchenfürften in Rom, der ihre Che geheiligt, in voller Singebung jugethan. Der papftliche Runtius, ber spanifche Gefandte und Pater Cotton, Scinrichs IV. Beichtvater bilbeten mit Epernon und Concini ben fleinen intimen Rath, ber bie Entschluffe und Sandlungen ber Regentin bestimmte. Die Untrage und Befdwerben, welche bie Sugenotten auf einer allgemeinen Berfammlung zu Saumur unter dem Borfis bon Dupleffis-Mornay an die Regierung richteten: Befeitigung einiger dem Chift von Rantes bei ber Berification bingugefügten Befchrantungen, Gleichstellung ihrer Beiftlichkeit und Soulen mit ben tatholifden, Beglaffung bes Bufages "fogenannt" (pretendue) vor "reformirten Rirche", direfte Bahl ber Generalbeputirten burch die Berfammlung u. A. fanden feine gunftige Aufnahme. Man fuchte durch einige unbestimmte Bufagen zu beruhigen und gewährte nur was nicht wohl zu umgeben war. Benn man das Cbift von Rantes noch nicht anzugreifen wagte, fo geschah es nur aus Furcht vor der durch ihre firchliche und politische Berbruderung gefchloffenen Dacht der reformirten Confessionsgenoffenschaft. Ihr entschiebenes Auftreten ju Bunften bes herzogs von Sully und feines Schwiegersohnes bes Bergogs von Roban hielt die Regierung ab, in ihren feindfeligen Dabregeln

gegen biefe protestantifden Chelleute weiter vorzugeben. Gully murbe in feiner Burudgezogenheit rudfichtevoll behandelt und Roban blieb Oberbefehlehaber von St. Bean d' Angely, einem ber bedeutenoften Sicherheitsplage ber Sugenotten. Beinrich bon Roban verband einen unternehmenden Beift und energischen Charatter mit Sittenftrenge, Bilbung und ausgebreiteten durch große Reifen erweis terten Renntniffen. Er war jugleich Staatsmann und geldherr. 3m Gegenfas ju Bouillon und Lesbiguières, welche ihren Ginfluß bei ben Glaubensvermanbten baufig im eigenen Intereffe, jur Erreichung ihrer ehrgeizigen Abfichten ju berwerthen fucten, bandelte Roban nach dem Spruche: Einigkeit macht ftart, und arbeitete unermudlich an der Erhaltung und Befestigung der Union des hugenottischen Glaubensbundes. Die Reformirten faben in ihm einen zweiten Coligny. Seinem festen Auftreten gegenüber bem Bergog bon Bouillon, einem perfonlichen Begner von Gully, batten es die Reformirten, als fie auf einer Berfammlung der Cert. 1612, fühmeftlichen Provingen in Larochelle ihre Forberungen wieberholten, ju verbanten, baß die Regierung in einigen Studen nachgab. Aber ber Rif, ber feitbem durch die reformirte Confoderation jog und fie in eine ftrengere und gemäßigtere Partei spaltete, brach ihre einheitliche Rraft.

Wenn die Regentin glaubte, durch ihre unbesonnene Freigebigkeit sich die bunft und Buneigung des Adels zu erwerben und eine ruhige Regierung zu verschaffen, so sollte sie bald enttäuscht werden: sie vergeudete ihre Hulfs- wittel und vermochte doch die Sabaier und den Chroeia der Großen nicht

mittel und vermochte boch bie Sabgier und ben Chrgeiz ber Großen nicht ju ftillen. Man fagte richtig, fie fuche bas Beuer ju lofchen mit Del. Sie follte balb gewahr werden, wie wenig Dant fie fich erworben. 22. Julison. ber Pring von Conbe im Juli aus Stalien gurudfehrte, murbe er von bem frangofischen Abel wie im Triumph empfangen. Auch er verschmähte es nicht, fich eine Benfion bon 200,000 Francs und einen Balaft in Baris autheilen au laffen, ohne barum feine ehrgeizigen Plane aufzugeben. Bald stellte er die Forderung an Maria, daß sie ohne seine Theilnahme nichts von Bichtigfeit vornehme ober berathe; in feinem Gouvernement Gupenne wollte er teine tonigliche von ihm unabhangige Befahung bulben; als erfter Bring von Geblut wollte er an dem Regimente Theil nehmen. Er warb Freunde und Anhanger unter bem Abel, er trachtete nach Bopularitat bei bem Bolte, er naberte fich den Sugenotten. Geborte er auch felbft bereits ber tatholischen Rirche an, fo war boch ber Rame feines Geschlechts mit ber Beschichte bes reformirten Frankreich aufs Innigste verflochten. Balb mar ber Pring bas Saupt aller Ungufriedenen; alle neuerungefüchtigen, ehrgeizigen, unruhigen Geifter fcloffen fich an ihn an; bas anarchifche Treiben bon ehedem brobte wiederzukehren und den von Beinrich IV. mubfam genon, 1612. Schaffenen Ginheitsstaat aufs Reue aufzulosen. Der Lod seines Dheims,

bes Grafen von Soiffons, der sich leicht zu seinem Rivalen aufwerfen konnte, erhöhte seine Macht und seine Ansprüche; der achtjährige Erbe des Namens staud ihm nicht im Wege. Die Anmaßung Concinis, welcher der Königin immer neue Gnadenerweisungen abzuringen verstand, und der Mißbrauch,

ben die Galigai von ihrer Stellung zur Aufhänfung von Schähen machte, kamen den Unzufriedenen zu Statten. Wie unter Karl IX. schrieb man alles Ungemach, alle Berwirrung und Schädigung der nationalen Interessen der Mediceerin und ihren italienischen Günstlingen zu. Durch sie werde der französische Staat nach Innen und Außen geschädigt.

Die Beit ber Regentschaft mahrend Ludwigs XIII. Minderjahrigkeit ge- Die Abelsbort zu den tläglichsten Perioden der frangofischen Geschichte. Ohne große Biele und Thaten verzetteln die Baupter der Ration die Rrafte und Bulfemittel bes Ronigreiches in unwürdigem factiofen Parteitreiben, in fleinlichem Rankefpiel, in felbitfuchtigem Jagen nach Gelb und Dacht, in leidenschaftlichem Ringen nach Befriedigung bes eigenen Ich. Dhne Sorge fur bes Landes Bohlfahrt, ohne Stolg fur die Ehre der Ration und fur den Ruhm der Familie, ohne jegliche Spuren idealen Strebens juchen die Blieder ber Regierung wie ber Ariftofratie in frevelhaftem Egoismus bas Gemeinwesen gu ihrem Bortheile auszubeuten. Die Rivalitäten ber Ariftofratenhäupter unter einander, die Bankereien, der Reib, die Gifersucht bes Ginen gegen den Anbern, ber Streit um ben Borrang in ber Befellichaft, Bweitampfe und Unfälle tropiger Magnaten nehmen in ben Geschichtsbuchern ber Beit einen beträchtlichen Raum ein. Auch als ju Anfang bes Jahres 1614 Die angesehenften Januarieis. fürstlichen Saupter, ber Bring bon Conbe, die Bergoge von Bouillon, Magenne, Revers, Longueville, Bendome fich in Megières ju gemeinsamer Aftion bereinigten und friegerische Ruftungen bornahmen, sucht man bergebens nach höheren politischen ober nationalen 3weden: Den Sauptinhalt ber Beschwerbeschrift, die fie als herausforderung an die Regentin richteten, bilben bie Borwurfe, daß man nicht fie, sondern Andere in den geheimen Rath und in Die hohen Meinter und Befehlshaberftellen berufen; badurch fei alles Unbeil über die Ration gekommen. Sie forderten die Einberufung der Reichsversammlung, durch welche die Difftande befeitigt, die nothwendigen Reformen getroffen, die Bunden bes frauten Staats geheilt werben follten. Regentin erließ ein Begenmanifest, worin die Beschwerden der Pringen und 27. Bebr. Ebelleute gurudgewiesen und bas felbftsuchtige und ehrgeizige Trachten berselben als Hauptquelle ihres anarchischen Treibens bargestellt murbe; anftatt aber, wie Jeannin und Billeroi riethen, die Entscheidung ber Baffen gu suchen, trat fie, ber Anficht bes Ranglers Sillery und ber Galigai folgend, mit ben Aufständischen in Unterhandlung. In dem Bertrag von St. Menehould wurden bem Bringen und feinen Berbundeten einige Forderungen be- Mai 1814. willigt, ihr Auftreten, als im Dienfte bes Ronigs ohne bofe Abfichten unternommen, bergieben und die Einberufung der Generalstande gugefagt.

Die Generalstände traten denn auch, nachdem im Parlament Ludwig XIII. für Die letten volljährig erklärt worden, im Ottober im Augustinerkloster zu Paris zusammen, um, ftanbe. 1614. wie es in den Sinberufungsschreiben hieß, für die gute Leitung der Geschäfte in

a. Barteis der Berwaltung, in der Justig und im Staatshaushalt Gorge tragen und Mittel und Bege zur Erleichterung des Boltes finden zu helfen. Coon aus ber Bufammenfegung der Berfammlung tonnte man ertennen, wie wenig die Ration von diefen Bertretern der drei Stande erwarten durfte; unter den 464 Bevollmachtigten waren 140 Beiftliche, 132 Abelige und 192 Mitglieder bes britten Standes, faft lauter Juftige und Binangbeamten. In ben Reihen der Geiftlichen fah man einen jungen Cleriter, Jean Armand du Bleffis von Richelieu, (geb. 5. Sep= tember 1585), Sohn eines royaliftifch gefinnten Edelmannes aus Boitou, Der auf Seiten ber Konige Seinrich III. und Beinrich IV. gegen die Lique geftanben. Bor dem tanonifden Alter jum Bifchof bon Lucon in Riederpoitou ernannt, mußte er trot feiner Jugend fich bald bemertlich ju machen. Die Regierung hatte nicht gerade viele Freunde; verfchiedene glugschriften, welche mabrend der Bablen veröffentlicht worben, hatten das politische und firchliche Spftem, das die Regierung feit vier Jahren befolgt, in feiner Schablichtett dargestellt und Reformen borgeschlagen; aber jeder der brei Stande hatte feine eigenen Intereffen im Muge, die oft nach entgegengesetten Richtungen auseinander gingen; wie follte man ba ju einer Berftandigung, ju einem gemeinfamen Refultate tommen? Bobl waren bie Meiften von dem Scfuble burchtrungen, bas man fowohl im Steuerwefen, wie in den politischen und firchlichen Beitfragen wieder ju den Principien gurudgreifen muffe, die unter Beinrich IV. in Unwendung getommen : man muffe im Innern die Laften des Boltes erleichtern und eingeriffene Disbrauche abftellen, nach Außen die nationalen Rechte und die Macht und Souveranetat des legitimen Ronigthums gegen die fleritalen Uebergriffe und papiftifden Brandfdriften vertheis Aber über die Mittel und Bege mar teine Bereinigung ju erzielen: Wenn ber Abel auf Abschaffung der Paulette (XI, 490) und bes Memterbertaufs drang, wodurch die wichtigften Richter- und Berwaltungeftellen, vor Allem die Sipe in den Parlamenten, in die Sande der reicheren Burgerfamilien tamen ; fo verlangte diefer als Entgelt für jenes große Opfer, daß die hohen Jahrgelder, Sehalte und Chrengeschenke, wodurch der Sof fich die Gewogenheit und Treue des Abels und der Großen ju ertaufen fuchte, eingestellt und die Ersparniffe jur Berminderung der Taille und anderer Abgaben verwendet werden follten, eine Forderung, die naturlich bei den bornehmen herren wenig Gnabe fand. Belden Gindrud mußte es auf die Edlen machen, als Jean Savaron, der gelehrte und caratterfefte Deputirte von Clermont in Aubergne, ausführte, daß feche Millionen burd Benfionen und Gnadenbewilligungen verschlungen wurden, mabrend man in Supenne und Aubergne das Bolt Gras essen sebe! Und auch mit dem Clerus gerieth der dritte Stand in Sader. Die Abneigung gegen die Jesuiten, welche die Allgewalt des Papftes und die unbedingte Geltung aller Decrete des Eribentiner Concils in Frankreich burchzuführen fich anftrengten, hatte in ben burgerlichen Rreifen tiefe Burgeln gefchlagen; die Ermordung des geliebten Ronigs Beinrich IV. wurde ihrer Einwirfung jugefdrieben. Um nun den ftaatsgefahrlichen Doctrinen, die fich immer offener hervorwagten, Schranten ju fegen, ftellten bie Parifer Deputirten,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der Univerfitat und dem Barlamente, den Antrag , es möchte durch die Reichsftande als unverauserliches Staatsgrundgefet festgestellt werden, daß der Ronig in feinem Staate fouveran fei und feine Rrone nur bon Gott habe, und daß es feiner Macht auf Erden, weder geiftlichen noch weltlichen zuftebe, ihn feiner heiligen Rechte zu berauben oder feine Unterthanen aus irgend einem Grunde vom Gide der Treue zu entbinden. follte fortan als Fundamentalgefet gelten, bon allen Beamten und Bfrundenbefigern

wer dem Untritt ihrer Stellen feierlich befcoworen, die entgegengefeste Unficht als gottlos, verabicheuungswürdig und den Grundrechten Frankreichs widerftrebend er-Ber folche Doctrinen lehre, verbreite oder annehme, fei als Berflart werben. leger der Reichsgesete und als Majeftateverbrecher zu behandeln. Die Geiftlichkeit meinte, ein folder Antrag fei nicht geeignet bor ben Standen verhandelt zu merden, er wurde nur Spaltung unter ben Ratholiten erzeugen. Fragen über Glauben, Lehre und Autoritat der Rirche gehorten vor ein Concil, nicht bor eine großuntheils aus Baien aufammengesette Reichsversammlung. Der Cardinal Duperron iuchte in einer breiftundigen Rebe barzuthun, wie unzweifelhaft es auch fei, daß der König von Frankreich feine Krone von Gott habe und in allen weltlichen Lingen in voller Souveranetat bandle, fo konnte es boch Kalle geben, wenn 3. B. ein Monarch gegen feinen Rronungseid von der driftlichen Religion abfalle und bem Gewiffen seiner Unterthanen Swang anthue, wo das Oberhaupt der Rirche, um die Seelen bor dem ewigen Berderben ju retten, die Unterthanen von dem Gide der Ereue loszusprechen berechtigt fei. Es mochten unter dem geiftlichen Stande manche fein, die mit den neuen jesuitischen Doctrinen nicht einverstanden waren, sondern wie die Sorbonne und das Parlament den altgallicanischen Rirchenlehren anbingen; allein fie waren nicht im Stande, gegenüber ber jefuitifch - papiftischen Beiftromung, bem alten Rirchenrecht und ber religiofen Anschauung fruberer Beiten Anertennung zu verschaffen. Und felbft wenn der Clerus mit den weltlichen Standen fich zu einem Befchluß im gallicanisch-ropaliftischen Sinne hatte bereinigen lonnen, wurde er, von der Rrone unterftutt worden fein? Die Bolljahrigkeit Ludwigs XIII. hatte teine Aenberung in ber Regierung jur Folge. talentlose Ronig überließ die Staatsgeschafte seiner Mutter, der er ben Borfit im Confeil übertragen, und wir miffen ja, mit welcher Singebung diefe bem heiligen Bater augethan war. Bon Meritaler Seite wurde ihr ftets ju Gemuthe geführt, das die Legitimitat ihrer Che und bas Thronrecht ihres Sohnes nach tanonischen Bejegen anfechtbar fei, daß nur die Machtvolltommenheit des Bapftes fie und den Konig in ihrer hoben Stellung gegen die Biderfacher zu halten vermochte. Stupte doch auch Conde feine Soffnungen und Blane auf Die zweifelhafte Gultig. kit der toniglichen Che.

So geschah es, das Clerus und Abel gegen den britten Stand fich verei- b. Diverginigten und daß tein gemeinsamer Befdluß als Musbrud bes Gefammtwillens ber bengen. Kation zu Stande gebracht werden tonnte. Es wurden manche bittere Borte gwechselt: Als im britten Stand einft geaußert marb: die Geiftlichkeit batte des Recht der Erftgeburt Davongetragen, Die Ebelleute feien die nachftgebornen, fie felbft bie jungften Bruber, aber alle feien Gohne Frantreichs, ihrer gemeinicaftlichen Mutter, da fanden es die Cdelleute fehr anmaßend, daß Burger, Kaufleute, Sandwerker und Beamte, Die ber Lehnshoheit und ber Berichtsbarteit der beiden obern Stande unterworfen feien, fich als die jungften Bruder bezeiche neten, das wurde dasseibe Blut und diefelbe Tugend mit dem Abel voraussehen. Dem sei aber nicht so; nicht als ihre Brüder sondern als ihre Untergebenen mußten jene angesehen werden. Richt minder schroff verhielt fich die Geistlichkeit gegen den britten Stand. Rach vielen aufregenden Berhandlungen, mit Unwendung geiftlicher und weltlicher Mittel und Ueberredungstunfte, fette fie es endlich bei dem König und der Königin durch, daß der kirchenrechtliche Antrag, trot feines rohalifischen und nationalen Inhalts niedergeschlagen ward, und brachte es dahin, daß der Adel mit der Geistlichkeit vereinigt die Bublication der vollständigen Trideniner Concilsbefoluffe empfahl. Rur die reformirten Blieder bes Standes erhoben

Broteft gegen die Beröffentlichung der Detrete, wobei zwar die gallicanischen Freiheiten, nicht aber die den calvinischen Glaubensverwandten zugesagten Rechte vorbehalten waren. 23. Achr. Am 23. gebr. wurden in einer toniglichen Sipung die "Cabiere" der drei Stande dem jungen Monarchen überreicht. Der Bifchof von Lucon, Armand du Pleffis de Richelieu, welcher bon bein geiftlichen Stand als Sprecher aufgeftellt mar, ents warf in feiner Ansprache, die neben pruntender Gelehrfamteit glanzende Funten eines fraftigen icharffinnigen Beiftes enthielt, ein Gemalbe Frantreichs in alten und neuen Beiten. Ginft fei die Beiftlichfeit in Dacht und Anfeben geftanden und gur Theilnahme und Mitwirfung bei den hohen Reichsamtern berufen worden; jest fei fie in ihren Freiheiten, in ihren Berechtfamen, in ihrer Burisdiction befchrantt. Er empfahl die Annahme und Bestätigung der in dem Cabier des Clerus aufgeführten Antrage, "benn bas beil bes Staates bange von ber Schatung ab, Die den heiligen Dingen gewidmet werde". Obwohl er nur im Auftrage und nach bem Sinne ber Beiftlichkeit fprach, fo ertannte man boch aus ber Emphase feines Ausbrude, "wie febr ber Ehrgeis bes Standes augleich fein perfonlicher mar". Das bom Abel überreichte Schriftftud ftimmte im wefentlichen mit bem bes Clerrus überein. Die beiben beborgugten Stande batten Die Gemeinsamfeit ihrer Intereffen ertannt. Im schneidenden Gegensage ju den Rundgebungen des Chrgeiges und Standesgefühls der Beiftlichfeit und ber Abelsariftofratie foilberte Die Rebe des Sprechers des dritten Standes, des Deputirten Robert Miron von Paris, die traurige Lage des Boltes gegenüber den Privilegien und Anmagungen der beiben erften Stande. Indem er Die Digbrauche und Ungerechtigkeiten rugte, Die fich bei der Befegung ber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Memter und Burben eingefolichen, die Gewaltthatigkeiten, die Behdefucht, die Babgier und Erpreffung des turbulenten Abels als Sauptquelle des unbeilvollen Buftandes bes Reiches barstellte und auf Abichaffung ber Benfionen, auf Berminderung ber Gehalte und hoben Memter, auf Befeitigung ber Binnengolle antrug, beutete er an, daß bie Ration aus der unerträglichen Lage nur durch bas enge Bundnis ber Krone mit bem Bolte erlöft werden tonne. Leicht tonnten Die Armen und Geplagten einingl au der Erkenntnif tommen, daß der Rrieger nichts anderes fei, als ein Bauer in Baffen, und der Ambof jum Sammer werben. Bwei Beitalter boren wir ibre Stimmen erheben, bemerkt Ranke, "neben der hierarchischen Bergangenheit das Brausen einer bemofratischen Butunft. Bwischen ihnen schwantt die damalige Begenwart".

c. Ausgang.

Der König versprach die Sahiers zu prüsen, und so viel in seinen Kräften 24. Warz stehe die Wünsche und Antrage zu erfüllen. Bier Wochen später wurden die drei 1815. Stände nach dem Louvre entboten und verabschiedet mit der Zusage, daß die Berkauslichkeit der Armter und die Jahrgelder abgeschafft und durch eine Unterssuchung den Unterschleisen bei der Finanzverwaltung Sinhalt gethan werden sollte. Aber selchst diese Bertröstungen gingen nicht in Erfüllung. So endete der leste Reichstag des alten Frankreich ohne irgend ein namhaftes Resultat. Er gab nur Zeugniß, daß die Zeit krank sei, daß aber den bestehenden Gewalten die Kräfte zur Abhülse sehlten. Als man nach 174 Jahren wieder nach der alten Institution griff, ging aus ihren Arbeiten ein neues Frankreich hervor.

### 2. Ankämpfen gegen die Berrichaft der Gunfilinge.

Die Soffnung bes Bringen von Condé, durch die Reichsftande in seinen Ariftotratie chrgeizigen Bestrebungen unterstützt zu werden, war gescheltert; sein Einstuß ten im Aufstanb 1615. auf ben britten Stand mar weit unter feinen Erwartungen geblieben. ftand er barum bon feiner Opposition gegen ben Sof und die fremden Bunftlinge ber Königin nicht ab. Der Uebermuth, mit bem Concini gegen die Großen, gegen die Minifter, ja felbst gegen ben jungen Ronig auftrat, die allgemeine Abneigung gegen die spanischen Beirathen, die im Berbst deffelben Sahres vollzogen werden follten, ichienen fein Borhaben zu begunftigen. Bas ber Fürst nicht burch ben Reichstag ju erlangen vermochte, suchte er auf Auf feine Unregung lub bas Parifer Parlament andern Wegen zu erzielen. Die Pringen, Pairs und hoben Kronbeamten, die es als feine Mitglieder anfah, zu einer Berathung über gewiffe Borfcblage ein, melde fur ben Dienft bes Ronigs, die Erleichterung ber Unterthanen und bas Bohl des Staates gemacht werben follten. Allein die Regierung unterfagte ein folches Borgeben, ju dem das Parlament nicht befugt fei. Doch tonnte fie nicht verhindern, daß Die Corporation in einer fcriftlichen Borftellung die wefentlichsten Forberungen wiederholte, die der dritte Stand geftellt batte: der Konig moge fur Bahrung ber Souveranetat ber Krone Sorge tragen, bie bon feinem Bater eingegangenen Bundniffe zu erhalten fuchen und bei ben Staatsgeschäften ben Rachtommen ber alten Abelshäuser den gebührenden Antheil geben, Fremde von den hoben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Stellen fern halten u. A. Am Sofe murbe biefes Auftreten des Parlaments mit bem größten Unwillen bernommen; es erfolgte ein icharfer Berweis und die Rorperschaft fab fich endlich ju der Erklarung genothigt, fie babe nur ben Dienft bes Ronigs bezwedt, feineswegs in beffen Autorität eingreifen wollen. Diefe Burudweifung fcredte jedoch ben Bringen nicht ab. Er folog mit andern machtigen Abelehauptern, mit Bouillon, Mayenne, Logneville, St. Pol einen Bund, um die Reform des Staats und die Entfernung der ichlimmen Rathgeber zu erzwingen; auch Roban trat der Coalition bei und suchte die Sugenotten, die gerade bamals eine Sauptversammlung in Grenoble abhielten, ebenfalls jum Beitritt zu bewegen. Es verbroß ihn, daß die Regierung ibm die Nachfolge im Gonvernement Boitou verweigerte, bie ihm fein Schwiegervater jugebacht. Bergebens marnte ber alte Mornan bor einem Bunde mit ben aufftandifchen Eblen : es fei nicht rathfam, ben Konig im Anfang feiner Bolljabrigfeit ju reigen, ihre Sache an die malcontenten Großen zu knupfen, die nur ihre felbstfuchtigen 3mede verfolgten; Bouillon, Roban und Soubise erlangten die Oberhand; aus Beforgniß bor Lesbiguières, ber in ber Dauphine Alles vermochte und auf Seiten des Hofes ftand, verlegten fie eigenmächtig ihre Berfammlung nach Rimes und ichloffen, ungeachtet ber Sof ihnen von Boitiers und Borbeaux aus bie

27. Rop Abstellung ihrer Beichwerden versprach, mit Conde ein Bundnis ju gemeinichaftlichem Rampf fur die Reform des Staats und die gegenseitige Sicher-Diefer batte bereits bie Sahne ber Emporung gegen bie Regierung beit. aufgepflanzt und mar, bon feinen Berbundeten unterftutt, mit betrachtlichen Streitfraften über die Loire gefest, bas tonigliche Beer unter Boisbauphin bis nach St. Jean b'Angely brangend. Der Anschluß ber Sugenotten unter Roban und Soubise verschaffte ben Insurgenten vollends bas Uebergewicht im Felde. Go entbrannte benn aufs Reue der Burgerfrieg. Aber es war tein Rampf um bobere Biele, es war nur ein frevelhaftes Baffenfpiel jur Erreichung felbstfüchtiger Brede, jur Befriedigung ber Leibenschaften einiger Großen. Aber in ber Berwuftung ber Lanber, in ben Leiden und Drangfalen des Bolfes trat die ernste und trübe Seite des seindseligen Treibens Niemand hatte ein Berg bei ber Sache. Der Bund ber Abels: baupter loderte fich, seitbem ber Ronig ben Bringen bon Conde und feine Unhanger fur Rebellen und Dajeftateberbrecher ertlart hatte; die Sugenotten ertannten allmählich, daß fie burch ihren Unschluß an die Anfftandischen ihre Lage und Butunft nicht sicherer gestellt hatten, und viele Glieber der Union hielten fich fern. Und als die fpanischen Berrathen, die man ju hindern gehofft

26. Rov. hatte, in Borbeaux und Burgos gleichzeitig vollzogen murden, und ber neuvermählte Ronig mit bem Sofe nach Paris gurudtehrte, mar ba benn nicht Ausficht, burch Berftandigung und Compromis mehr zu erlangen als mit ben Baffen? Auch in Paris wunschte man die Flitterwochen ruhig und vergnügt zu verbringen, die Zestlichkeiten nicht burch aufregende Rriegsboticaften gestört zu feben.

Bertrag von Loubun 1616.

cationen bedacht.

So tam denn nach langen Unterhandlungen, beren Ernft burch bie Anwesenbeit und Theilnahme bornehmer Damen aus ben Sof- und Ariftocratenfreifen et-6. Mai 1616, heitert und belebt ward, ber Bertrag von Loudun ju Stande, burch welchen der Ronig berfprach, die von dem dritten Stand des Reichstags und von bem Barlamente gestellten Forderungen mit Bugiebung ber Pringen, ber Rronbeamten und einiger Glieder des herrenftandes und des Parlaments in Berathung ju gieben und fo weit als möglich in Ausführung zu bringen. Die Sicherheit der Rrone und die Freiheiten der gallicanischen Rirche follten gewahrt und die Eridenter Concilsbefcluffe nie in der bon bem Clerus begehrten Ausbehnung promulgirt werden; die Reformirten im Fortbesit aller der Gnaden und Bugeständnisse bleiben, die ihnen von dem vorigen Ronig gemahrt worden. In der Regierung und insbefondere in der Finanzverwaltung wurden die gewunschten Reformen in Aussicht Conde und feine Anhanger und Berbundeten murden bon aller Schuld entbunden und der toniglichen Gnade und Berzeihung berfichert und fowohl ber

Conbé unb b'Ancre. Der Bertrag von Loudun war ein Sieg der nationalen Partei über bie Hofcamarilla und die jesuitisch-papftliche Richtung im Clerus. in unverfennbaren Bugen ju Tage, als Conde aus bem Gouvernement Berry,

Bring felbft als feine abeligen Genoffen aufs Reue mit Jahrgelbern und Gratifi.

bas er gegen Gubenne eingetauscht, nach Paris jog und die feinem Range gebührende Stellung bei ber Regierung in Anspruch nahm. Er entriß ber Ronigin Maria ihren bisberigen Ginfluß im Confeil, indem er fich felbft die Entscheidung in allen wichtigen Staatsgeschäften zueignete. Bald war er der erfte Mann, fein Palaft wurde eifriger gesucht als der Boudre; alle Blide waren auf ihn gerichtet. Er galt als bas Saupt ber patriotischen Begenpartei, welche bas italienische Regiment ju Fall zu bringen trachtete. Und bies war auch fein nachstes, wenn gleich nicht fein lettes Biel. Concini hatte fich eine Dachtstellung angemaßt, welche ben Reid und Sag bes frangöfischen Abels berausfordern mußte: Die Ronigin murbe von ihm und Galigai völlig beherrscht; in das Ministerium brachte er Leute, die ihm gang zu Billen waren, wie ber Generalcontroleur Barbin, wie ber Staatsfecretar Mangot. Auch Richelieu, ber uns befannte Bifchof von Lucon; ben fein Freund Barbin ber Ronigin jum Almosenier und Staaterath empfahl, geborte zu feiner Bartei. Durch feinen Uebermuth, feine Sabgier und Berschwendung, feine Rudfichtslofigfeit gegen Soch und Riedrig batte fich ber Marfchall d'Ancre fo allgemein verhaßt gemacht, daß Conbe, der ihn Anfangs mit Entgegentommen behandelte, um feiner Bobularitat willen fich gang und gar von ihm gurudzugieben bewogen fand. Bar es fcon langft tein Geheinmiß, bag bie Fremdlinge ihren Ginfluß auf die Ronigin in eigennützigfter Beife ausbeuteten, bag bei hofe Richts zu erreichen war, ohne daß zuwor bei Galigai die Pforte durch einen goldenen Schluffel geöffnet war, daß Concini die eintraglichen Memter und Burben, Die er fich übertragen ließ, zum Anfammeln bon Reichthumern berwendete, fo traten jest, wo im Ministerium feine Freunde und Creaturen bas große Bort führten, feine Babgier, feine Anmagung, fein Egoismus noch offener herbor. Bermogen foll fich auf mehr benn seche Millionen Libres belaufen baben; die Bracht feiner Balafte, die Menge feiner Dienerschaft, die Feste und Gaftmabler, gaben Beugnig von feinen Reichthilmern, wie die Gemalbe, womit er bie Sale ausschmudte, bon feinem Runftsinn, ben er aus seiner forentinischen Beimath mitgebracht. Er befaß die Manieren eines Cavaliers aber auch die Arrogang eines Emportonimlings. Gelbft bem Ronig begegnete er mit wenig Chrerbietung.

Wie mußte es ben Prinzen verdrießen, als er wahrnahm, daß alle Conbé in der wichtigen Staatsgeschäfte nicht wie er verlangte durch seine Hand gingen, sondern nach wie dor in dem Cabinet der Königin durch Coneini und seine Geschöpfe entschieden wurden! Diesem unerträglichen Bustande sollte ein Ende erhebung gemacht werden durch ein neues Complot und eine neue Schilderhebung. 1616.
Die Königin und ihre Bertrauten sollten vom Hose entsernt und das Regiment den eingebornen Aristokratenhäuptern in die Hände gegeben werden. Als man am Hose vernahm, daß der Prinz mit Bouillon, Mayenne und andern

Großen lebhafte Berathungen bielt, drang der Marichall auf energisches Borgeben. Man folle burch Berhaftung ber Sauptführer bem neuen Aufftand vorbeugen. Die Ronigin ging nach einigen Bedenten auf ben Borfclag ein. Condé wurde im Louvre festgenommen und in die Baftille geführt; gegen fanden die ührigen Beit zu entkommen. In Baris ging der Gewaltstreich gegen ben Pringen ohne große Unruhe vorüber, nur daß ein von ber Mutter bes Berhafteten aufgeregter Bollshaufen ben tunftgeschmudtem Balaft bes Italieners gerftorte. — Bouillon und Magenne eilten nach Soiffons, wo fich balb auch andere Genoffen einstellten, Buife, Chebreufe, Longueville, Bendome, Coeuvres. Auch Revers trat auf ihre Seite. Sie rufteten gum Rrieg, um, wie fie einander gelobten, ben Ronig von ben unwurdigen Schlingen zu befreien, in denen ihn die Fremden gefangen hielten, und ibn in die Lage au feten, Die legitimen Saupter ber Ration in feinen Rath au gieben. Much die Regierung rief ihre Truppen unter die Baffen; Concini, jest machtiger als je, sagte, er muffe die bochite Gewalt gegen die Anschlage einer meuterischen Aristofratie vertheidigen. Beibe Theile bedienten fich des toniglichen Ramens für ihre 3wede; ein neuer Bürgerfrieg war im Anbrechen. Der Sieg mußte sich auf die Seite neigen, wo der Ronig ftand. Und Anfangs hatte es ben Anschein, ale follte bas bisherige Spftem fortbauern. Ludwig XIII. erklärte im Barlament, daß die Berhaftung des Bringen gum Bohle des Staats nothig gewesen, daß sich derfelbe der Regierung habe bemächtigen und ihn felbst und die Ronigin Mutter in feine Gewalt bringen wollen; er forderte die verbundeten Edelleute auf, die Baffen niederzulegen, fonst werbe er fie als Majestateverbrecher nach der Strenge des Gesetes bebandeln.

Soncini befaß noch Sinfluß genug, das Ministerium ganz nach seinem Sinne zu gestalten; in seiner Bohnung holten die Rathe ihre Infructionen. Richelieu, ber zum Sesandten in Spanien ausersehen war, wurde zurückgehalten und auf Soncini's Beranstaltung zum Staatssecretär ernannt. Und dennoch scheint der Sewaltige von einer dunklen Uhnung erfüllt gewesen zu sein, daß es mit seiner Wacht zu Ende gehe. Allerlei Entwürfe zogen durch seinen Kopf, die von der Unruhe seiner Seele zeugten. Er überlegte mit seiner Semahlin, ob sie nicht mit ihren Reichtumern nach Italien zurücklehren und die herrschaft über Ferrara zu erwerben suchen sollten. Galigai besaß mehr Kühnheit.

Die Kriffe. Das Jahr ging unter Kriegslarm zu Ende; die Gemuther waren in Aufregung; die Zukunft unsicher, im Norden und Süden Gährung und Gemuthsbewegung; Flugschriften voll leidenschaftlicher Ausfälle gegen die fremden Unheilstifter liefen durch die Sande des Bolks. Die Späher Concini's hatten viel zu thun, die öffentliche Stimmung auszuforschen und die Misvergnügten, die sich zu äußern wagten, zur Anzeige zu bringen. Dennoch kam es zu keiner größeren Action: die Königin hatte den Herzog von Guise von den übrigen Großen zu trennen gewußt und ihm und dem aus der Ba-

ftille befreiten Grafen von Auvergne (XI, 491) den Oberbefehl über die Regierungstruppen übertragen: unter toniglicher Fahne bedrangten fie die aufstandischen Großen; die gleichfalls ben toniglichen Ramen auf ihr Banner geschrieben, in Megières und Soiffons; und icon bilbete fich eine britte Bartei, Lesbiquières, Montmorench, Epernon, Bellegarbe an ber Spite, die gleichfalls im Ramen des Ronigs eine vermittelnbe Friedensstiftung verluch-Da brang die Runde von d'Ancre's Fall in die Belt, wodurch die gange Sachlage und Parteistellung fich anberte.

Ludwig XIII. war jest sechzehn Sahre alt geworden, ohne daß er noch Concinie Gre jemals selbständig an der Regierung Theil genommen. Man behandelte ihn 1617. wie einen Unmundigen, hielt ibn abfichtlich von allen ernsten Dingen fern und freute fich, wenn er im Tuileriengarten fich mit ber Bogeljagd beschäftigte, ober Erbe aufammenfahren ließ, um fie mit Rafen ju bebeden. junger Chelmann aus Mornas in ber Grafichaft Avignon, Charles Albert de Lunnes, den man dem jungen Konig jum Gespielen und Gesellschafter gegeben, gewann burch feine Geschicklichkeit im Abrichten bon Falten und Sperbern die Reigung feines herrn. Er mar fein fteter Begleiter. Dhne hervorragende Eigenschaften befaß Lunnes boch einen brennenden Chrgeig; er bielt fich für befähigt, Die Stelle Concinis einzunehmen. Rabigere und tubnere Manner, wie der frühere Minister Billerop, wie Deageant, ein fchlauer intriganter Finanzbeamter, nahrten feine ehrgeizigen Gebanken. Der Ronig hatte, wie unbedeutend er immer mar, ein lebhaftes Bewußtsein von feiner Burde; er fühlte, bag er vernachlässigt werde, er haßte ben Gunftling feiner Mutter, ber felbit ibm gegenüber mit folder Arrogang auftrat. Dies batte Lubnes ertannt und er unterließ Richts, biefes Gefühl aufzuftacheln und jugleich Furcht und Mißtrauen in der Seele des jungen Monarchen zu weden. Er reigte beffen Stol3, indem er ibm borftellte, bag er nur ein Figurant am eigenen Bofe fei; man angftigte ibn mit ber Schilberung von ben gerrutteten Buftanben, in benen ber Staat fich befinde, von der Ungufriedenheit des Abels und Bolts, von den Gefahren, die ihm felbst und bem Reiche von bem verwegenen Ehrgeize bes Marichalls brobeten. Das Complot gelang. Der Ronig gab feine Einwilligung, baß ber Mann, der fo viel Unheil angestiftet babe und mit fo verderblichen Blanen umgehe, aus ber Belt geschafft werden mochte. Der Maricall wollte nach ber Normandie gieben, um den aufstandischen Ebelleuten mit den Baffen entgegenautreten. Bor feiner Abreife begab er fich nach bem Loubre, um Abschied au nehmen. Auf ber Schlogbrude trat ihm Bitry, Sauptmann ber Leibgarbe, mit einigen Begleitern in ben Beg. Mit ben Borten : mein Berr, ich verhafte Cuch im Ramen bes Ronigs, faste er ihn am Urm, und als ber Marfchall erichroden gurudwich, ichof er ibm mit einer Bistole, die er unter feinem Mantel verborgen gehalten, bor die Stirne, einen zweiten Schuß empfing der Berwundete

24. April von hinten burch Bitry's Bruber Gallier. Mit einem Ausruf bes Schredens 1617. fturzte Concini todt auf der Brude nieder.

Ummanbs

Als Ludwig XIII. borte, daß ber Gunftling feiner Mutter tobt fei, Sofie und foll er felbstaufrieden ausgerufen haben: "Best bin ich ber Konig!" Und in Enbe, der That schien ganz Frankreich wie aus einem schweren Traum erwacht einem neuen Lebensmorgen entgegen zu geben. Die Parifer Bevolkerung gab ihre Freude, daß fie nunmehr von der Thrannei und dem Spionenwesen bes Fremblings befreit fei; burch Bubelgeschrei und Scenen rober Rachsucht zu Die Baufer bes Ermorbeten murben ausgeplundert, ber Leichnam, den man bereits beerdigt hatte, am folgenden Tage von der wuthenden Menge ausgegraben, mit Hohngeschrei durch die Stadt geschleppt und vor dem Balafte des Marichalls an einem Galgen aufgeknüpft. Galigai, die stolze Frau wurde baarfuß in den Rerter geschleppt, verfolgt von dem Buthgeschrei des Bobels. Mit ihren Reichthumern und Aemtern wurden die Urheber des Complots belohnt: Lupnes erhielt die Burbe eines Rammerberrn und Gonverneur von ber Normandie, die Coneini bekleidet hatte, aus ber Sand des Königs, Bitry wurde zum Marschall von Frankreich erhoben. Die alten Minister Beannin, Billerop, Sillery, übernahmen die Geschäfte wieder, die einft Beinrich IV. ihren Sanden anvertraut, aber die Faden ber Politik lenkte Lugnes, Die Ronigin Mutter, von ihrem Sohne und ben Bertrauter Déageant. neuen Gunftlingen mit Barte und Beringschatung behandelt, bat um die Erlaubniß, fich nach Blois gurudgieben gu durfen. 3hr Begleiter in das Eril war Richelieu, ber ebenfalls aus bem Staatsbienft scheiden nußte und fic während seiner unfreiwilligen Duge mit ber Abfaffung einer "Unterweisung für Chriften" beschäftigte. Die Ariftotratenbaupter, welche die Baffen gegen Die Regierung ergriffen batten, fobnten fich mit ihren Gegnern aus und feierten bie Befreiung bes Landes und des Konigs mit frohlichen Gaftmablern. eilten nach Paris, um bem Monarchen, ber fo energisch die Retten zerriffen, ihre Buldigungen barzubringen. Ludwig nahm ihre Betheuerungen, daß fie nur gegen die italienische Camarilla unter die Baffen getreten, glaubig auf, erklarte fie fur gute und loyale Unterthanen und verficherte fie feiner Gnade. Der Bring von Conde blieb jedoch noch ferner unter Aufficht, nur daß er bie Bastille mit ben gefünderen Raumen von Bincennes vertauschen und in der leichteren Saft fich ber Gefellschaft feiner Gemablin erfreuen burfte. tragischste Loos brachte die Ratastrophe über Leonore Galigai. Sie wurde vor dem Parlamente der Bauberei angeklagt und des Frevels gegen gottlick und menschliche Majestat. Sie vertheibigte fich mit Burbe und Rube. man fie fragte, burch welche Bauberkunfte fie bie Ronigin an fich gefeffelt, gab fie zur Antwort: Meine Baubermittel waren die Macht einer ftarker Der Gerichtshof war charafterlos genug, Seele über eine Schwachfinnige. fich als Bertzeug der Bollswuth gebrauchen zu laffen. Eros ihrer ftandhaften

Betheuerung, teines einzigen der Berbrechen, deren man fie bezichtete, schuldig zu jein, wurde fie jum Tobe verurtheilt. Ein Bug von Mitleid burchzuckte die Seelen der den Richtplatz umstehenden Menge, als das Schwert ihr Haupt vom Ihr Leichnam ward verbrannt, die Afche vom Sauche bes Juli 1617. himmels verweht. Sie war nicht schlimmer, als ihre Umgebung, die grausome Ungerechtigkeit ihrer Gegner verfohnte einigermaßen mit ihren Tehlern.

Bald zeigte es fich, bag ber Staatsftreich nur andere Personen in Die Das neue Sohe gebracht, nicht aber bas Regierungsspstem geandert habe, daß der Ronig, den das Bolt "den Gerechten" nannte, weil er einen übermntthigen Emportommling ohne Gericht und Berhor ber Sand eines Morbers preisgegeben, weder die Rraft noch den Billen befaß, im Geifte feines Baters au regieren. Er war eine unfelbständige Ratur, ohne Sinn fur bobere Dinge und ohne Arbeitsluft. Daher fiel es dem neuen Gunftling Lupnes nicht schwer, an d'Ancres Stelle zu treten und seinen Einfluß eben so selbstfüchtig und eigennützig auszubeuten wie ber Italiener. Er ftieg zum Bergog, spater zum Connetable empor, er fügte zu seinem Gouvernement Rormandie noch Calais und Boulogne hinzu; er vermählte fich mit der schönen Marie de Rohan aus einem mit dem toniglichen Sause verwandten Geschlechte, die durch feinen Einfluß zur Oberhofmeisterin Anna's erhoben ward. Die junge bewegliche, mit allen Gaben ber Gefallsucht ausgeftattete Dame, die in der Folge als berzogin von Chevreuse eine hervorragende Rolle in der Parteigeschichte der Beit spielte, wußte fich bei ber Ronigin eben so fehr in Gunft zu segen wie Lupnes felbft bei bem Ronig. Auch feine Bruber verheirathete er mit reichen Erbinnen und verschaffte ihnen den Herzogstitel. Sein Chrgeiz war unerfattlich. Die Großen merkten bald, daß fie bei dem Tausche Richts gewonnen. Auf einer Rotablenversammlung in Rouen sette ber König die Gründe aus. Decer. 1617. einander, warum bas Regiment in ben bisherigen Formen fortgeführt werben muffe und die hohen Adelshäupter nicht zu allen Geschäften des Cabinets berangezogen werden konnten. Auch die Ersparungen und Reformen, die der Berfammlung vorgelegt wurden, Berminderung der Jahrgelder und der Garnijonen, Befeitigung bes Aemtertaufs und ber Paulette maren teineswegs nach bem Sinne ber adeligen und burgerlichen herren und erzeugten große Unzufriedenheit. Sollten fie allein Opfer bringen, während der neue Günftling und feine Creaturen in die alten Wege einschlugen? Lupnes, eben fo selbstfüchtig und noch unfähiger als Concini, nahm bei bem König dieselbe Stellung ein, wie der Italiener einst bei dessen Mutter; Ehren und Aemter wurden nicht nach Burdigkeit vergeben, sondern folden verliehen, die dem Falkenjager aus der Provence huldigten. Mit angftlicher Sorgfalt überwachte er die Berson Ludwigs, damit kein Unberufener ihm nahe und ihm die Augen öffne.

Bald ftand die Aristotratie dem neuen Regimente eben so feindselig gegen- Reue Coalistiber, wie bem fruberen. An die Stelle des gefangenen Condé trat der reiche und ber Konigin

machtige Bergog von Epernon, der einft zu ben "Mignons" Beinrichs III. gehört hatte und noch in Rleidung, Sitten und Lebensgewohnheiten die alte Elegang der Balois bewahrte. Und nun erlebte man das wundersame Schauspiel, daß dieselben Edelleute, die bor Rurgem die Baffen gegen das Regiment ber Maria von Medicis erhoben batten, fich mit biefer gegen ben Sohn und die neue Camarilla verbanden. Die Königin Mutter, in Blois in ftrenger Aufficht gehalten und icharf übermacht, febnte fich nach Befreiung. wandte fich durch ben Italiener Rucellai, ber einft zu Concini's Bertrauten gehört hatte, an Epernon und flehte um beffen ritterliche Beihulfe. 22. Bebr. Herzog traf Anstalten, ihr die Flucht zu ermöglichen. In einer Racht wurde Die Bittwe Beinrichs IV. mittelft einer Stridleiter aus ihrem Schlofzimmer in Blois entführt und in einer bereitstehenden Rutsche nach Angouleme gebracht, wo der Bergog Statthalter mar. Ein Manifest rechtfertigte die Flucht burch die Aufgablung aller Uebelthaten, beren fich bie am Bofe berrichende Faction schuldig gemacht. Es war eine Biederholung der Borwürfe, die einst Marias dermalige Freunde gegen fie felbst gerichtet. Im Bunde mit ber Ronigin Dlutter hofften jest die Ariftofratenhäupter mit größerem Erfolg die Reformen im Staate burchführen und ben Ginfluß auf die Regierung gewinnen ju tonnen als fruber. Bon beiben Seiten murbe jum Rriege geruftet; Die Ebelleute wollten Maria nach Paris jurudführen, Lupnes biefelbe von der Berfon des Ronigs fern halten. Gine Busammentunft Ludwigs mit seiner Mutter in Cours führte ju teiner Berfohnung. 3mei Bofe, ber eine in Paris, der andere in Angers, und zwei Factionen standen einander brobend gegenüber.

Berbaltniffe

Die papistifc gefinnte Ronigin trug tein Bedenten felbft mit den Sugenotten ber Suger Durch Bouillon und Roban Berbindungen angutnupfen. Diefe maren gerade in großer Aufregung über ein tonigliches Soitt , bas bie Befuitenpartet bei Lunnes durchgefest hatte. In Bearn, der Beimath Beinrichs IV., waren bei der durch Johanna d'Albret eingeführten Reformation die Rirchenguter mit Buftimmung der Landftande facularifirt und theils jum neuen Cultus theils ju Schul- und Bohlthatigleitszweden berwendet worden. Bei feinem Uebertritt hatte bann ber Bourbonifde Ronig jugegeben, daß die zwei Bisthumer bes Landes fammt bem tatholifden Cultus wieder aufgerichtet und die geiftlichen Guter guruderftattet murden. Um aber feine alten Glaubensgenoffen und Landsleute nicht zu verleten, übernahm Beinrich IV. bei ber Restauration die Unterhaltungstoften auf die tonigliche Raffe und ließ den reformirten Instituten bas Rirchenbermögen, bas fie feit funfzig Jahren befeffen. Auch die Regentschaft brang nicht auf Burudgabe. Die papistisch-jefuitische Partei mar damit nicht zufrieden; fie glaubte, daß zur Chre und Gelbständigfeit ber Rirche eigener Befit erforderlich fei. Bir miffen ja, mit welchem Gifer um diefelbe Beit die Restitution der facularisirten geiftlichen Buter von den Rleritalen in Deutschland betrieben ward. Man hatte daber ben toniglichen Befehl ausgewirft, daß die ehemaligen geiftlichen Guter in Bearn ber tatholifden Rirde gegen eine Bergutung aus der Staatstaffe jurudgegeben werden mußten. Gine Befdwerdefdrift, welche die in Loudun verfammelten Abgeordneten

wegen diefer und anderer Angelegenheiten an den Ronig gerichtet hatten, mar ausweichend beschieden morden. Run ließ Maria die Reformirten ihrer Theilnahme verfichern und verfprach ihnen Abstellung ihrer Rlagen und Befdmerden.

So standen neue friegerische Bewegungen in naber Aussicht. Die Gou- Bermitte- lung 1620 verneure ber meiften Provingen im Guden und Beften hielten ju ber Ro. nigin gegen die verhaßte Gunftlingsherrschaft in Baris. Lupnes und feine Benoffen ertannten bas Befährliche ihrer Lage: wenn bie Baupter bes Abels, wenn die Sugenotten, wenn felbst der fpanische Sof, mit bem die Mediceeerin gleichfalls in Unterhandlung getreten mar, fich auf die gegnerische Seite mandten, wie follten fie biefen vereinten Rraften widersteben? Da tam ber Bunftling auf den Gedanken, fich in dem Pringen Conde, ber noch immer bas Schlof von Bincennes als Gefangener bewohnte, eine Stute zu verschaffen. Benn es ihm glückte, ben mächtigsten Berwandten bes Königs, ber gegen die Urheberin feiner Saft bittern Groll im Bergen trug, jum Berbundeten ju erhalten, so hatte er ein bedeutendes Gegengewicht in die Bagschale zu legen. Die Abelscoalition konnte bann leicht gespalten und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die dem turbulenten Bebahren ber Großen ohnedies nicht gunftig mar, fur bie fonigliche Sache gewonnen werden. Unter ben berbindlichsten Formen Otter. 1619 wurde der Pring in Freiheit gefett. Un feiner Seite gog im nachsten Sommer ber Ronig felbst in die Normandie und brachte die Proving sammt ber Beftung Caen gur Unterwerfung. Mit Conde vereinigt rudte fobann Lupnes an die Loire; die Streitfrafte ber Ronigin unter Epernon und Magenne maren ftart genug gemefen, einen traftigen Biberftand gu leiften; aber ben Führern fehlte das gute Gewiffen und ber rechte Ernft; nach einem fleinen Befechte bei Bont-de-Cé ließen nie nich auf Unterhandlungen ein. leichterte ihnen die Umtehr. Ihre Unterwerfung wurde mit ber Buficherung der Straflofigfeit ertauft. Auch der Ronigin murben annehmbare Bedingungen gewährt und ihr die Rudtehr nach Paris gestattet. Bu biefem verfohnlichen Aug. 1620. Ausgang hatte Richelieu wesentlich beigetragen. Die ropalistische Gefinnung als Erbtheil seiner Familie im Bergen bewahrend, ber Ronigin Mutter, ju ber er aus Avignon, seinem bisberigen Aufenthaltsorte gurudgetehrt mar, burch mancherlei Dienfte angenehm, von Lupnes, ber feine Talente langft erkannt hatte, wohl gelitten, mar der Bischof von Lucon ein geschickter Bermittler. Durch den Frieden bon Bont-de-Ce erwarb er fich die Rudfehr in den Staats. bienft und die Aussicht auf den Cardinalshut.

Bie fehr hatten es jest die Reformirten zu bereuen, daß fie fich abermals Sugenettens in die politische Opposition der Großen eingelaffen! Bunachft sollte Bearn für 1621. feinen Biderftand bugen; ber papftliche Runtius Bentivoglio drang auf Ausführung des Reftitutionseditts. Die abgebarteten Bearner, militarifc organifirt und im Befige der geftung Ravarreins, maren wohl im Stande gewesen, den Truppen, die der Ronig und Lupnes jest gegen fle heranführten, einen energischen Biderftand entgegengufegen, allein durch die Bwietracht ber eingebornen Edelleute mar

die rechtzeitige Bewaffnung unterblieben. Ohne auf Biberftand zu ftofen drang 15. Dft.1620. Ludwig von Gubenne aus in das Gebirgeland ein; am 15. Ottober hielt er feinen Einzug in Bau, zwang das Parlament das Ebitt in die Amteregifter einzutragen und nahm, nachdem er fich ber geftung Ravarreins, bemachtigt und einen tatholischen Gouverneur eingesett, eine Umbildung der Berfaffung bor, welche ben bisherigen protestantifc provinziellen Charafter vernichtete. Die Bereinigung von Riedernavarra und Bearn mit ber Krone Frankreich murbe feierlich ausgefprocen, die frangofifche Sprache gur Gerichts - und Amtefprache gemacht, die Rathebrale in Bau dem tatholifden Cultus eingeraumt, den Jefuiten die Riederlaffung gestattet. Schon auf ber Berfaminlung ju Loudun hatte ber Bearner Lescun bargethan, daß die Sache feines Baterlandes die gange bugenottifche Genoffenschaft berubre und ihre bulfe in Unspruch genommen. Benn man erwägt, welche Unftrengungen damals die jefuitifch - papistifche Reaction machte, um mit Gulfe der spanifc ofterreichischen Baffen die von Rom Abgefallenen in gang Europa gur tatholifden Rirche gurudguführen, wie gewaltig bor und bei Beginn des großen beutschen Rrieges ber Beift ber tatholischen Restauration über bie Erbe binging ; fo wird man nicht an ber Richtigkeit diefer Darlegung zweifeln burfen : Bearn mar bas erfte Bollwert ber calviniftifden Union; mit feinem Sall war ber Beg jum Angriff des gangen politisch-religiofen Organismus betreten. Die Meritale Bartei am hofe, ju der auch Conde aus haß gegen einige hugenottische haupter geborte, unterließ tein Mittel, die Regierung zu weiteren Schritten in diefer Richtung anzutreiben : jest fei ber gunftige Beitpuntt getommen, Die tegerifche Union, die einen republitanifchen Staatenbund gleich den Sollandern in Frantreich ju begrunden trachte, mit ber Burgel auszurotten, die Autorität bes tatholischen Königthums in Staat und Rirche fester ju begrunden. Bei folder Lage und Stimmung war es für die Reformirten ein bedenkliches Unternehmen, den hof in herausfordernder Beife ju drangen, ben Bearnern ihre firchlichen und politifchen Rechte jurudjugeben und ihre Befchwerben in Betreff einiger Sicherheitsplage und Rechtsverfurgungen abzustellen. Bergebens marnten Du Bleffis-Mornan und andere Gemäßigte, ben Bogen nicht ju icharf ju fpannen : einige Bigtopfe Berfamms wie ber Deputirte Favas, ber die Stelle des tatholisch gewordenen Befehlshabers lung von tole verbattete Bavas, bet bit batte, reigten die Leidenschaften. Sie batten. geftust auf einen fruheren Befcheid des Bergogs von Lupnes, eigenmachtig eine Berfammlung in Larochelle angeordnet; als der Ronig das unterfagte, ftellten fie die Behauptung auf, baß fie dazu berechtigt feien, und hielten ihre Sigungen. Damit war die Lofung ju neuen Rampfen gegeben. 216 bie Rriegeruftungen ber Regierung einen balbigen Belbaug vorausfeben ließen, bandelte die Berfammlung im Beifte der hollandischen Generalstaaten: fie nahm eine neue Rreiseintheilung bor, traf Anordnungen ju Truppenaushebung und Besteuerung unter den Religionsverwandten, ließ ein Siegel anfertigen, deffen Umfdrift: "Fur Chriftus und ben Ronig" an den Geufenbund erinnerte. Dem Manifefte bes Ronigs, worin es hieß, daß nur die Ungehorfamen beftraft werden, alle andern aber, die ruhig und treu bleiben wurden, ihre freie Religionsubung und alle Bugeftandniffe behalten follten, feste die Berfammlung zwei Ausschreiben entgegen an die Confeffionsverwandten in Frankreich und an die protestantischen Regierungen bes Mus-Darin suchten fle ihrerseits darzuthun, daß fie dem Ronig und Baterland treu und ergeben feten, daß fie fich aber gezwungen faben, jum Schute ibrer

burch bas Cbitt von Rantes gemährleisteten Rechte, welche eine fanatifche Sofpartei unter bem Ginfluß ber Besuiten ihnen zu rauben gebachte, Die Baffen zu ergreifen. Im Besitze von mehr als zweihundert besestigten Orten, mit Besatungen und Geschütz wohl versehen, hatten die Hugenotten kräftigen Widerstand leisten konnen, ware der Muth, die Eintracht und der Religionseiser noch so lebendig gewesen, wie zur Beit der Bater und hatten sie einen Coligny zum Führer gehabt. Aber die meisten Sdelleute lehnten den Oberbesehl ab: Lesdiguteres der alte Hugenottensstreiter, der durch eigene Krast von niederem Stande sich zur Bürde eines Herzzogs und Marschalls emporgeschwungen, hatte sich mehr und mehr von den Consscsionsgenossen getrennt und dem Hose genähert, der an seinem regellosen Lebensswandel weniger Anstos nahm, als das Consistorium. Run zog er im Dienste des Königs sein Schwert gegen die Brüder. Selbst die getäuschte Hossnung, mit dem Range eines Connetable belohnt zu werden, hielt ihn nicht ab. Der König übertrug diese höchste Kriegswürde seinem Günstlinge Luhnes, dem Faltenjäger der Provence, der noch nie ein Schlachtseld gesehen.

So begann benn ein Rrieg, deffen Enticheibung fich leicht vorausfeben ließ. Gubenne und Mochten auch La Force und die Bruder Roban und Soubise die Fahne det Blaubens und der firchlichen Freiheit in Supenne und Poitou festhalten; die Streitfrafte der Sugenotten waren nicht hinreichend, um die festen Orte auf bie Dauer ju vertheibigen. In den Provingen, wo fie in geringerer Bahl gerftreut lebten, wurden fie durch die Gouverneure entwaffnet; und als im Rai Dai 1821. ber Ronig felbft nach Guden bordrang, fließ er auf geringen Biderftand. Gine Stadt nach der andern öffnete ihre Thore und leiftete. Behorfam; Saumur Saumur. wurde dem alten Dupleffis-Mornay entriffen, der es dreißig Jahre lang treu berwaltet hatte. Er hatte redlich fur den Frieden gearbeitet und doch teinen Dant verdient. Selbft St. Juan d'Angely, neben Larochelle das hauptbollmert der re- bangely. formirten Confoderation, gefdust burch feine bobe Lage und mit allem Rriegsbedarf wohl berfeben, mußte nach tapferer Gegenwehr bon dem Befehlshaber Soubife ben toniglichen Beldberren übergeben werden und berlor feine Beftungswerte und feine Much Sancerre wie St. Bean d'Angely in fruberen Sancerre. ftadtifden Freihelten. Beiten durch Rriegsmuth ausgezeichnet, leiftete teinen Biberftand. Innere Bwietracht und Spaltungen hatten allenthalben die Rrafte gelahmt; neben bem Gifen wurde auch Gold mit Erfolg angewendet. Es fcbien als ob bas reformirte Gemeinwefen, das mit fo großen Unftrengungen gegrundet worden war, einem rubmlosen Ende zueile. Schon frohlodten die Fanatiker, daß die Regerei nun bald aus der Belt verfcwunden fein werde. Aber gerade diefes vorzeitige Triumphgefchrei ber Romanisten fcarfte auch in ben reformirten Rreifen bas religiöfe Bewußtfein: fie faben ein, daß fie ihre Rrafte gufammenraffen mußten, wenn fie noch ferner ihres Glaubens leben wollten. Roban fagte, "feine Saufer und feine Suter feien ibm genommen, er babe nichts als feinen Degen, mit diefem aber wolle er seine Religion vertheibigen." Bon folder Gefinnung war auch die Burgerichaft und Befagung der Sugenottenftadt Montauban erfullt, ju deren Be- Belagerung lagerung ber Ronig mit bem gefammten heer im August auszog. Bergebens tauban. wurde die Stadt drittehalb Monate lang befcoffen und bedrangt; nach großen Mugue-Unter ben Gefallenen Ropbe, 1621. Berluften mußte das Beer unverrichteter Dinge abziehen. war der herzog von Mayenne, der Sohn des Liguiftenhauptes. Um Abend vor bem Aufbruch borten bie Bachter auf ber Mauer in ben Laufgraben von einem Glaubensgenoffen den 68. Pfalm blafen, der die nahe Acttung ankundigte: "Es ftebe Bott auf, daß feine Beinde gerftreut werden, und die ihn haffen bor ihm flieben."

Bunnes Tob. Auf Lupnes fiel ber Borwurf bes verfehlten Unternehmens. Beit an war sein Stern im Erbleichen. Der Ronig murbe mißtrauisch gegen ben Gunftling, ben er felbft fo übermaßig erhobt, bem er noch furglich bei dem Tobe des Groffiegelbewahrers Du Bair das Siegel des Reichs anvertraut hatte. Sein Fall ließ fich voraussehen; aber bas Schicfal ersparte Eine acute Krantbeit fturzte ihn bei ber Belagerung ibm die Ratastrophe. 14. Techt von Monheur in Subenne ploglich ins Grab. Seine Umgebung plunderte fein Belt aus; die Führer feiner Leiche spielten Burfel an feinem Sarge, ber Italiener Rucellai ließ ihn auf eigene Roften bestatten. Go endigte Lupnes, ber Sohn bes Bluds, ber über vier Jahre alle Macht Franfreiche in feiner Sand gehabt. Seine Gemablin, Marie be Roban reichte einige Beit nachher ihre Sand bem Sohne bes in Blois ermorbeten Beinrich von Buife, Bergog von Chevreuse, wodurch fie mit dem Saufe Lothringen in verwandtichaftliche Berbindung trat. Bir werden ber feurigen ehrgeizigen Dame, die burch die Reize ihrer Perfonlichfeit auf alle Manner eine unwiderstehliche Angiehungsfraft übte, im Laufe ber Sahre noch öftere begegnen. Madame von Chevreuse war die treibende Rraft in allen Intriguen und Berschwörungen, welche in der folgenden Beit bas Bof- und Staatsleben in Bewegung festen.

Run tehrte die Ronigin Mutter nach Paris gurnd, in ihrem Gefolge der Musgang bes jum Cardinal erhobene Richelieu. Bahrend des Bintere ruhten Die Baffen und trieges. Die Hugenotten fanden Beit sich einigermaßen zu erholen. Durch die Thatigkeit bes Oberfelbherrn Laforce und ber Bruder Roban und Soubise murden wieber einige Orte in Poitou und Gugenne bem reformirten Gemeinwesen gurudgewonnen und in Bertheidigungestand gefest, ber Marquis von Chatillon, ber tonigliche Souverneur bon Rieberlanquedoc, wurde durch die Rreisversammlung von Rimes feiner Burbe entfett. In ber Umgebung bes Ro-Offern 1622. nigs riethen Manche jum Frieden; allein ber Pring von Conde bestand auf ber Fortsetzung bes Rrieges. Seine Anficht trug im Conseil den Sieg das von. Um Oftern zog ein neues tonigliches Beer ins Reld. Am Blugchen Bie, im schlammigen Lande ber Bendee hatte Soubise eine gebedte Stellung genommen, wo er ben Beind in nachlässiger Sicherheit erwartete. jollte ihm schlimme Früchte tragen. Durch einen nachtlichen Angriff überrafcht murbe bas gange Sugenottenheer vernichtet. Ueber zweitaufend ftarben auf dem kleinen insularisch abgeschloffenen Raum, der ihnen bisher jum fichern Lager gedient; andere wurden von den Bauern auf der Flucht erschlagen ober auf die Galeeren abgeliefert. Soubife felbst rettete fich jur See, aber mit feinem Rriegeruhm mar es vorbei. Er begab fich von Larochelle nach England, um bort Bulfe ju fuchen. Allein für Unterthanen, welche gegen die geheiligte Majestat des Konigs in Baffen ftanden, empfand Jacob I. feine Sympathien, auch wenn fie feines Glaubens maren. Dhne Biberftand brang Ludwig XIII. abermals in Supenne ein; Laforce unterwarf fich um

Den Preis eines Marschallftabes, bis tief in Languedoc hinein ergab fich eine Stadt nach der andern. Ginen Augenblid hatte es den Anschein, als ob der große beutsche Rrieg, ber bamals in ber Pfalz fich abspielte, seine Flammen auch nach Frankreich werfen wurde, indem Ernft von Mansfeld und Christian von Braunschweig in Lothringen eindrangen. (XI, 853.) Beibe friegführende Theile richteten ihre Blide auf fie; aber auch diese Bolten zerstreuten fich, als die deutschen Schaarenführer nach den Niederlanden abzogen. mühungen Lesbiguières, ber, obwohl jur tatholischen Rirche übergetreten und mit der Burde eines Connetable belohnt, für feine ehemaligen Glaubens. genoffen noch ein Berg hatte und ihnen einen annehmbaren Frieden verschaffen wollte, wurden lange durch Conde vereitelt. Diefer brang auf die Belagerung von Montpellier. Als aber die fraftige Sugenottenstadt unter Robans Oberbefehl energischen Biderftand leistete, fürchtete ber Ronig einen abnlichen Ausgang zu erleben, wie im borbergebenden Sabre bor Montauban und willigte ein, daß Lesdiguières mit bem Sugenottenführer Unterhandlungen anknupfte. Daraus ging ber Frieden von Montvellier bervor, der die Reformirten im 19. Dft. 1622. Besite ber burch bas Ranter Cbitt gemahrleisteten religiojen Rechte und Freis beiten beließ, aber die Babl ihrer festen Sicherheitsplage verminderte. fammlungen follten funftig nur mit foniglicher Bewilligung abgehalten merben burfen. Berftimmt über diesen Ausgang verließ Conde Frantreich - um eine Ballfahrt nach Loretto zu unternehmen.

Mit dem Frieden von Montpellier lentte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wie- Beranderte ber in die Politit Beinriche IV. ein: Friede im Innern, um die Rrafte Frankreichs gegen die machsende Uebermacht des spanisch-österreichischen Saufes richten au konnen. Lesdiguières war der erfte Fahnentrager Diefes Syftems, Richelieu der Bollender. Die Ronigin Mutter, welche früher Die spanische Freundschaft so eifrig gepflegt, war jest eine entschiedene Gegnerin der Habsburger. Seit ihrer Rudfehr in ben Loubre wieder ju Ginfluß und Ansehen gelangt, bewirtte fie bei dem Ronig, daß dem Rangler Brulart de Sillery, der die bisherige Friedenspolitit mit bem Madrider Bof beigubehalten fuchte, das Amt entzogen und dem Marquis de la Bieuville übertragen ward, einem Manne von geringen Fähigkeiten, ber bald burch einen bedeutenderen Geift erfett werden follte, burch Richelieu, ben vieljahrigen Freund und Begunftigten Maria's von Medicis. Bie freute fich die Ronigin, als ber Gunftling bes englischen hofes, Budingham, burch ben die spanische Beirath vereitelt mard, um die Band der Benriette von Frankreich fur den Bringen von Bales werben ließ! Mit dieser Berbindung trat der frangofische Bof vollends aus der Atmosphare heraus, in der er fich seit dem Tode Beinrichs IV. bewegt hatte.

## II. Ludwig XIII. und Cardinal Richelien.

## 1 Erhöhung der Königsmacht. Ausgang der Sugenottenkriege.

Bienville u. Richelien.

Im April 1624 murbe Richelien burch bie Bemühungen ber Konigin Mutter von Bieuville in ben Staatsrath berufen. Die Beranderung ber außern Politit mar bereits angebahnt: Die englische Beirath mar beschloffen, mit ben Hollandern bas Bundnig erneuert, in Italien Stellung gegen Spanien genommen. Aber Bieuville war nicht ber Mann, bas frangofische Staatsschiff burch die fturmischen Bogen, die brobend berannabten, ficher in ben Safen au leiten; fein Beift mar ohne Schwung und noch in ben bisberigen Berhältniffen befangen; seine Bande maren nicht rein von bem berrichenden Lafter ber Beit, ber Ausbeutung bes Staats im eigenen Intereffe; in ber Beamtenwelt und in der Ariftofratie hatte er viele Feinde. Er gedachte Richelieu in untergeordneter Stellung zu halten und fich feiner Thatigleit und Rabigleit jum eignen Ruhme zu bedienen; aber nach wenigen Monaten traf ihn die Aug. 1624. Ungnade des Ronigs. Rach einer furzen haft in der Baftille trat Bienville von dem politischen Schauplat ab und Cardinal Richelieu wurde bas haupt und ber Rubrer bes Confeils.

Richelieu's politifche

Mag die Staatsschrift, die unter bem Titel "politisches Testament" in Biele der Folge veröffentlicht ward, vielleicht nicht von dem Bergog-Cardinal felbst berrühren, mogen die barin aufgestellten Grundfage nur die Summe ber politischen Anschauungen fein, die mabrend seiner mehr als achtzebnjabrigen Staatsverwaltung durch feine Sandlungen in die Birtlichfeit traten; jedenfalls schwebten ibm von Anfang an zwei Principien bor ber Seele: Die Bebung und Rraftigung ber Ronigsgewalt nach Innen und bie Machtstellung Frant. reichs nach Außen. Als Richelien die Leitung ber Staatsgeschafte übernahm. betrugen fich die Abelshäupter und Gouverneure als ob fie felbftanbige Surften maren, die Parlamenterathe und Finanzbeamten, die ihre Stellen burch die Paulette oder durch Rauf erworben, suchten dieselben für fich und ihre Ramilien als eine Quelle ber Chre und bes Gintommens zu verwerthen, nicht immer auf redliche Beise; die Sugenotten waren zu einem firchlich-politischen Bemeinwesen vereinigt, bas nach eigenen vertragsmäßigen Rechten und Befegen sein öffentliches Leben führte. Die Alliangen, die Beinrich IV. geschloffen, maren gerriffen, die fpanisch-öfterreichische Sauspolitit auf dem Bege, Die weltbeherrichenden Ideen Philipps II. ju verwirklichen und wie in den Tagen ber Lique ben verwandten frangofischen Sof unter Leitung oder Bucht ju balten. Einem vaterlandischen und ropaliftisch gefinnten Staatsmanne, welcher feiner Nation eine ihrer Große und Bildung entsprechende Stellung in ber euro. väischen Staatenfamilie erwerben wollte, mar somit die einzuschlagende Babn flar porgezeichnet: die widerstrebenden Elemente und centrifugalen Rrafte im Innern mußten aufammengefaßt und den gemeinsamen Intereffen dienftbar gemacht werden; die eigennütigen und felbstfüchtigen Beftrebungen mußten den allgemeinen 3meden, bem Wohl bes Sanzen untergeordnet, Gefet und Obrigfeit zu unbedingter Geltung und Souveranetat erhoben werben. Band in Sand mit biefen inneren Tendengen follte ber habsburgifchen Bergrößerungspolitit, welche durch Erwerbung der Baffe und festen Standorte in Graubundten und Beltlin eine Berbindungelinie amifchen ben italienischen und beutschen Befigun. gen ichaffen wollte, Ginhalt gethan und der frangofischen Berrichaft ber Beg nach bem Rhein geöffnet werben. Richelieu's Biel ging fomit bahin, ben Ronig, ber frember Leitung bedürftig mar, aber gerade beshalb nm fo eifersuchtiger und mißtrauischer ben Schein ber Selbständigfeit zu mahren fuchte, so in feinen politifchen Gefichtefreis zu gieben, bag er wie mit Bauberbanden gefesselt mar, und bann mittelft ber foniglichen Autoritat bie verschiedenen Factoren bes Staates in die Schranten bes Behorfams, bes Befetes, bes nationalen Bemeinfinnes ju bannen. Wenn es ihm gelang, ben widerspenftigen, ju Alten ber Eigenwilligfeit geneigten Beift bes Abels zu bandigen, burch ftrenge Strafgerechtigfeit ber Gewinnsucht, bem Unterschleif, ben Beruntreuungen ber Steuer- und Finangbeamten zu wehren, burch gerechtere und zwedmäßigere Ginrichtungen im Abgabespitem, burch Beseitigung ober Berminderung der Eremtionen und burch Biedererwerbung ber entfremdeten ober verpfandeten Rronguter die offentlichen Einfunfte ju mehren, burch Sparfamfeit im Staatshaushalt und burch eingreifende Beranderungen im Beamtenwefen bem unertraglichen Mangel in ber Staatstaffe abzuhelfen; bann tonnte er hoffen, unter ben obwaltenden friegerifchen Beitbegebenheiten ber frangofischen Ration eine vorherrschende Macht. ftellung in Europa zu verschaffen. Der königliche Rame biente ihm als Schild, um den fehdeluftigen Beift bes Abels gegen den außeren Beind zu richten; feine geistliche Burbe erleichterte ibm bie Aufgabe, Die romische Sierarchie in ben Schranten ber Magigung ju halten und die Curie an Uebergriffen in bas Rechtsgebiet bes Staats zu hindern, und feine religiofe Milbe und Dulbfamteit feste ihn in die Lage, die politische Ausnahmestellung ber hugenottischen Union zu brechen, ohne in die Rechte und Freiheiten bes Gemiffens und ber Religion einzugreifen. Es war ein zerfahrenes und gewaltthätiges Beitalter, und so mußte auch Richelieu eiserne Mittel gebrauchen. Bas Machiavelli in feinem "Brincipe" lehrte, murde burch ben frangofischen Staatsmann in felbstbewußter That und mit rudfichtslofer Energie in Unwendung gebracht. Richelieu's Staatsabminiftration mar ein Meifterftud von Geiftesenergie, aber auch jugleich ein Spftem bon Graufamteit, Treulofigfeit und unerbittlichem Despotismus. Die humanitat fand feine Statte. Einen treuen Berbundeten und flugen Unterhändler und Beobachter hatte ber Cardinal an Franz Leclerc du Tremblay, betannt unfer dem Ramen Pater Jofeph. Dem Capuzinerorden angehörend berbarg er unter ber ftrengen Außenseite und unscheinbaren Monchstutte einen

feinen Berstand und diplomatische Gewandtheit. Der Cardinal zog ihn in das engere Conseil und bediente sich seines Rathes und seines Beistandes bei allen wichtigen Angelegenheiten.

Beltlin.

Richelieu nahm gleichzeitig die außere und innere Politit in Angriff. Bir haben die Stellung Frankreichs mahrend bes breißigjahrigen Rrieges im elften Bande Diefes Bertes tennen gelernt. Bie Beinrich IV. fuchte Richelieu Die llebermacht bes fpanisch-öfterreichischen Saufes zu brechen und reichte allen Beg. nern die Bundesband. Aus engherzigem Religionseifer batte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bisher ruhig jugesehen, wie in Deutschland bie ebangelische Union und die Rheinpfalz von ber öfterreichifch-ligiftifchen Uebermacht niedergebrudt wurden, wie der Mailander Governatore und der Erzbergog Leopold von Tirol bas wichtige Bergland Baltellin an ber oberen Abda, bas ben Bugang von Italien nach Suddeutschland vermittelte, von Graubundten losriffen, indem fie die katholischen Einwohner von Poschiavo, Tirano, Bormio und allen Orten bis nach Cleven gegen bie reformirte Bevolkerung der brei vereinigten Bunde Bobenrhatiens zum Aufftand reigten. Rach manchen grauelvollen Scenen fanatischer Religionswuth erreichte die spanisch-habsburgische Bolitit ihr Biel: Beltlin wurde von den Spaniern, das Engabin, wo einst Bergerius die Reformation fiegreich durchgeführt batte, von bem Erzberzog befest. Die protestautischen Cantone ber Schweiz wurden burch die Drohungen ber Balbftatte abgehalten, ben Glaubenegenoffen in ben Gebirgethalern zu Bulfe zu tommen. Run wandte fich Benedig, bas fich ploglich von der Schweiz und von Deutschland abgeschnitten fab, an Frankreich. Aber gerade bamals lag Konig Ludwig XIII. gegen bie Sugenotten zu Beld: es fiel baber ben ultramontanen 3wischentragern nicht fcmer, die religiofe Seite in den Bordergrund ju ftellen und eine Unterftugung ber tegerischen Bundner zu hintertreiben. Go fonnte die öfterreichisch-spanische Occupation fich befestigen und ausdehnen. Um den Franzosen jeden Bormand aur Ginmischung au nehmen, traf man mit dem Batican eine Uebereinfunft, baf papftliche Truppen bas Thal besethen follten; badurch wurde ber Schein einer Eroberung vermieden und doch der freie Durchzug erhalten. Aber nicht fo bald batte Richelieu die Bugel in der Sand, ale er mit Benedig und Sabopen einen Bertrag folog, mit ber Schweiz ben alten Rriegebund erneuerte und die Rud. gabe des Baltellin und bes Engabin an die Gidgenoffen der drei Bunde perlangte. Gine aus Frangofen und Schweigern gufammengefette Armee, welche Coenvres, General und Gefandter an bie Grenze führte, gab ber Forderung Rachdrud. Die papftlichen Befagungen jogen ab, bie Baltelliner murben mit Sicherstellung ihrer Glaubens. und Bewiffensfreiheit, wieder mit Braubundten vereinigt, der Durchgang burch die Alpenpaffe den Frangofen eingeräumt.

Dies war der erfte Schritt, die spanische llebermacht in Italien zu brechen, den kleineren Staaten zur Autonomie zu verhelfen und dann mit deren Hulfe und Ergebenheit den verlornen Einfluß Frankreichs wieder herzustellen. Schon damals lieh Lesdiguieres

bem Bergog bon Savoben feinen Arm, als diefer den Berfuch machte, die Republit Genua jur Unterwerfung ju bringen. Durch den Biderftand der Genucfen und die Sulfe des fpanifchen Couverneurs bon Mailand, des herzogs von Feria, murde für Diesmal der Anfchlag vereitelt; aber Europa erfannte, daß die alte Rivalitat der beiden Großmachte um die Begemonie in der apenninischen Salbinfel wieder entbrannt fei und daß die politifchen Intereffen nicht langer burch die religiofen Rudfichten und Shnipathien beherricht murden. Bas im Beltlin und bor Genua begonnen mar, murde einige Jahre nachher im Mantuanischen Erbfolgeftreit vollendet.

So lange aber in Frankreich felbst die Bunden offen waren, welche Beligiofe Dyposition. bas frangofifche Staatswesen feit Beinrichs IV. Tob ju teiner gefunden Erifteng gelangen ließen - ber tropige Biderftandegeift bes Abels und bie felbständige Stellung ber hugenottischen Union - tonnte die auswärtige Politik gu feiner rechten Rraftentfaltung fich emporschwingen. Wie follte bie frangösische Krone nach Außen Macht und Ansehen gewinnen, so lange im Innern die Autorität des Rönigs bekampft und gelähmt ward? Die fürstlichen Adelsbaupter, welche die Gunftlingsherrschaft eines Concini und Lupnes ju fturgen gefucht, um die ihrem Range und ihrem Geburterechte gebuhrende Stellung im Staate fur-fich zu erringen, maren nicht gesonnen, fich ruhig und unthatig unter bas neue Joch zu beugen, bas ber geiftliche Burbentrager ihnen auferlegen wollte. Roch maren unzufriedene Clemente in Menge borhanden, mit beren Gulfe fie hoffen tonnten, ihre Anspruche durchzusechten. Bor Allem maren es die firchlichen Gegenfate, an die fie ihre eigenen felbstfüchtigen Intereffen anklammerten. In ben ultramontanen Rreifen nahm man es fehr übel auf, daß in einem Augenblid, da in Deutschland ber vernichtende Schlag gegen die Reperei geführt werde, ein katholischer König und ein Cardinal ber Kirche eine katholische Landschaft zwangen, fich einer größtentheils protestantischen Regierung zu unterwerfen, ja papstliche Barnifonen jum Abzug nothigten. Es gab heftige Scenen mit bem Botschafter des ftolgen Barberini, der damals auf dem Stuble Betri fag. Und als nun gar die Barifer Regierung mit den Riederlandern und mit England Bundniffe abichloß, um die fpanifch-ofterreichische Dacht in ihrem fiegreichen Belttampfe gegen die Feinde Roms zu hemmen, da erhob fich mancher heftige Biberfpruch gegen ein fo gottlofes Regierungsspftem. Die Sesuitischen Bwischentrager ichurten die Flamme, um die Rudfehr gur bisberigen Politit zu erzielen. Und nicht minder unzufrieden maren die Sugenotten. Bon der Berfahrenheit und Leibenschaftlichkeit der Beifter jener Tage zeugt die Saltung der Confessionen und Regierungen in ben großen Rampfen ber Beit. Denn mahrend Richelieu einerseits von den strengen Ratholiken angefeindet und verdammt ward, hatten auch die Reformirten Frankreichs Urfache ju Mißtrauen und Unzufriedenheit und griffen wieder gur Baffe ber Gelbstvertheidigung; und mahrend fie fich insgeheim von Spanien aufreigen und auf Bulfe vertröften liegen, mehrte b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ihre Blotte mit englischen und hollandischen Schiffen.

Grfter Suges Der Friede von Montpellier hatte ju feiner aufrichtigen Berfohnung genottenfrie 1625. führt. Man hegte in den Rreifen der Sugenotten den Berdacht, daß in Paris Die Abficht herrsche, fie allmählich mit Lift ober Gewalt aus ihren Sicherheits. plagen zu verdrangen: In Montpellier murde eine Citabelle errichtet und ber bisher calvinifche Stadtrath zur Balfte mit Andereglaubigen befest; bei Larochelle war in brobender Rabe der Stadt ein nach dem Ronig benanntes Fort erbaut worden, das auch nach dem Frieden fortbestand und von einer starten Garnifon gehütet ward. Die einflufreichen Stimmen, die bei früheren Belegenheiten fur Erhaltung bes Friedens gewirtt, waren meistens berftummt; Duplesfis-Mornay und der Bergog von Bouillon maren beibe im Jahre 1623 aus dem Leben geichieden. Go berrichten benn die Bruder Roban und Coubife ausschließlich im Rathe des Gemeinwesens, Manner bei denen der religioje Eifer ftarter mar, als bie politische Ginficht oder die friegerische Befähigung. Mit Beforgniß gewahrten bie Einwohner von La Rochelle, daß im Safen von Blavet bei Lorient in ber Bretagne ein Geschwader ausgeruftet ward; fie fürchteten, es mochte auf einen Ueberfall ihrer Stadt von der Land- und Seefeite abgesehen sein. Da faßte Soubife ben Plan, die Flotille ju überfallen. Es war ein verwegenes Unternehmen, bas aber ichlieklich boch gludte. Er entführte bie Schiffe aus bem Safen nach den Inseln Re und Oleron und nahm bort, gehoben burch ben Erfolg und 3an. 1825. auf die Mitwirtung der Stadte Caftres und Montauban unter Roban bertrauend, eine friegerische Saltung an. In Paris gerieth man bei biefer unerwarteten Rachricht in große Aufregung : Die Ginen waren ber Meinung, man folle fich rafch mit ben Sugenotten vergleichen, die Andern munichten die Erneuerung bes alten Friedens. und Freundschaftsbundes mit Spanien. Auf einer 29. Gere Rotablenversammlung zu Fontainebleau, die wie ein erweiterter Staatsrath das Confeil umgab und in wichtigen Fragen zu ben Entscheidungen ber Regierung Die Directive ertheilte, wurde die Sache in Anwesenheit des Ronigs und ber Ronigin Mutter in Ermagung gezogen. Da feste Richelieu ben Befclug durch, daß man bor allen Dingen die Sugenotten zur Unterwerfung unter die königliche Bewalt bringen muffe. Go begann benn ein neuer Rrieg im füblichen Frankreich au Baffer und gu Land. Aber er murde mit wenig Energie geführt : mit Gulfe ber englischen und niederlandischen Sahrzeuge, die jum Theil mit frangofischen Seefoldaten bemannt maren, behielt die Regierung die Oberhand auf bem Meer, mahrend die Landarmee wider Roban und die ungehorsamen Stadte zu Relde Die Aderfluren und Beingarten trugen noch lange die Spuren ber Berwüftung, und manche tapfere Rriegsthat wurde im ungleichen Rampfe ausgeführt. Roban vergleicht in seinen Denkvurdigkeiten ben Biderstand, ben fieben hugenottische Junglinge in einem Baffe bei Carlat dem Marschall Themines entgegenstellten, den rühmlichften Thaten des Alterthums. Richelieu wunfchte au einer baldigen Berftandigung zu tommen; benn noch war er nicht in ber Lage, verschiedenen Feinden zu gleicher Beit die Stirn zu bieten. Deswegen gingen

Unterhandlungen neben bem Rriege ber. Die Bureben englischer und niederlanbischer Abgefandten, Die ihren Glaubensgenoffen zu einem friedlichen Ausgleich riethen und als Bermittler bienten, trugen wefentlich au einer Berftandigung bei. Alls es bem französischen Abmiral Montmorench gelang, den Herzog von Soubife bei ber Insel Re zu überwinden, seine Schiffe zu erbeuten und die Mannschaft, die fich auf bas Giland gerettet hatte, gefangen zu nehmen, faben die Reformirten ein, daß fie burch langeren Biberftand ihre Lage verschlimmern murben. Sie lieben baber ben englischen Friedensermahnungen Gebor, jumal als man ihnen unter ber Sand die Berficherung gab, daß das Fort Louis in geeigneter Beit geschleift werden follte. Es fehlte in Paris nicht an Stimmen, welche die Ansicht aussprachen, König Ludwig solle gegen die Hugenotten verfahren, wie Raifer Ferdinand II. gegen die Protestanten in Böhmen; benn fo lange Larochelle eine "Citabelle ber Rebellion" fei, werde bas Reich nicht zur Rube tommen : der Rlerus bot eine reichliche Beifteuer jur Fortsetzung des Rrieges. Aber Richelieu wollte die Banbe frei haben, um in bem großen Rampfe, ber bamale gang Europa in Bewegung hielt, jede für Frankreich vortheilhafte Situation im rechten Moment benugen au tonnen.

So wurde denn den hugenotten eine neue Friedenspause gemahrt. Das Ebitt Friedensver bon Rantes follte nach wie bor in Geltung bleiben, die Beleidigungen bergeben und 1626. vergeffen fein und einige zwifchen beiden Confessionen obwaltenden Streithandel auf gutliche Beife ausgeglichen werben. Die übrigen Buntte maren jum Bortheil ber romifden Rirde und ber toniglichen Autoritat. Dennoch waren die Ultramontanen, besonders ihre gelotischen Bortführer Bater Berulle und Michel Marillac, ungufrieden. Sie verdammten die Bugestandniffe an die Sugenotten und an die Graubundtener als eine fcwere Schadigung der tatholischen Sache gerade in dem Augenblid, da diefelbe anderwarts glangende Eriumphe feiere. Um nun biefe immerbin machtige Partei nicht allzutief zu berleben, willigte Richelieu bald barauf in ein Abtommen mit Spanien, das amar Baltellin bei Graubundten ließ, aber augleich Spanien bor meiteren geindseligkeiten von Seiten Frankreichs ficher stellte. Die tatholische Religion follte in dem Alpenthal fortbesteben, die Bestungen follten geschleift und bas Bundnif mit Benedig und Savopen gelöft werden. So bestimmte der am 10. Mai in Barcellona abge- 10. Mai foloffene Bertrag, früher als Friede von Moncon bezeichnet.

Richelieu wurde weder mit den Sugenotten noch mit den Spaniern bor Complot Austrag der Sache Frieden geschloffen haben, hatte er nicht bemertt, daß sich lieu 1628. über seinem Haupte schwere Gewitterwolken zusammenzogen. Seit Sahren hatte Die Ariftofratie banach getrachtet, die bochfte Gewalt in ihre Sande zu bringen, fei es, daß fie die Autoritat bes Ronigs niederzuhalten ober fie in feinem Namen felbst zu üben suchte. Sollte fie nun ruhig und unthatig geschehen laffen, baß die Regierung ohne ihre Mitwirkung geführt werde, das geschichtliche und politische Leben sich ohne fie entwidele und gestalte? Das wollte ben fürstlichen Berren nicht in ben Sinn. In einem Beitpuntte, ba die bochsten Lebensfragen einer Entscheidung entgegengingen, follte ein Mann ber Rirche die Geschicke Frantreichs im Ramen eines ichwachen, von fremben Gingebungen abbangigen

Ronigs nach eigenem Billen und Gutbunten lenten, alte Berbindungen lofen, neue eingeben, über Rrieg und Frieden beschließen, ohne die Theilnahme des Abels, ohne die Buftimmung der Ration? Alle die ungufriedenen und unbotmäßigen Clemente, welche feit Jahren gegen die Regierung angefampft, vereinigten fich jest zu einem Anfturm gegen bas machtige Saupt bes Staateraths. Um der Opposition das Geprage ber Loyalitat ju geben, traten Glieder der koniglichen Familie an die Spipe ober gestatteten, daß fich Andere ihres Ramens bedienten. Unter ihnen befand fich wieder der Bring von Condé; aber er fpielte biesmal nicht die erfte Rolle; er und fein Better, der junge Graf von Soiffons, Epernon und fein Sohn, hielten fich mehr im hintergrund, fie wollten die Früchte des großartig angelegten Complots genießen, aber nicht die Gefahren theilen. Als Saupt der Berschwörung murde der Bruder des Ronigs, Bafton, ein achtzehnjähriger Jungling von mehr Ehrgeis als Talent auserseben; ibm gur Seite ftanden feine beiden natürlichen Bruder, der Bergog von Bendome, Souverneur der Bretagne (XI, 584) und der Großprior von Bendome. Aber bie Seele bes gangen weitverzweigten Unternehmens war ber Marschall Ornano, ein Rorfe von Geburt, "ber die außere Rube und Keinheit eines Italieners mit bem Chrgeiz eines melancholischen bon sublicher Gluth erfüllten Temperaments vereinigte". Da ber Ronig noch feinen Leibeserben hatte und feine schwächliche Conftitution feine lange Lebensbauer erwarten ließ; fo fuchte Ornano ben "Monfieur", beffen Gouverneur er mar, an die Spite bes Staatsraths ju bringen, um dann bei bemfelben die Stelle einzunehmen, die einft Concini bei ber Regentin Maria von Medicis fich erworben hatte. Sie brachten noch Henry de Talleprand, Graf von Chalais auf ihre Seite, ber als Großmeister ber Garberobe unmittelbaren Butritt zu dem König hatte. Marie be Rohan, Bittme von Lupnes, damals Bergogin von Chevreuse, eine Dame von großer Schonheit und verführerifchem Befen, hatte den Grafen mit Licbesnegen bestridt und ihm ihren Sag gegen den Cardinal eingeflößt. Seine Mutter hatte einft ihr ganges Bermogen aufacwendet, um dem Sohne die einträgliche Hofftelle ju taufen. Ja felbst nach ausmartigen Alliirten faben fich die Berbundeten um. Es mar der Bunfch bes Sofcs und des Cardinals, den Pringen Gafton mit der iconen Bergogin von Montpenfier, ber reichsten Erbin Frankreichs zu vermählen; Ornano aber fuchte eine Bermablung beffelben mit ber Entelin Rarl Emanuels von Savopen zu bewirfen. Denn feit bem Frieden mit Spanien begte ber alte Bergog tiefen Groll gegen Richelieu und arbeitete an feinem Sturg. Bunachft suchte ber Marfchall ben Ronig au bestimmen, dem Bruder die seinem Range entsprechende Stellung an der Spite des geheimen Rathe einzuräumen; ale ber Minifter ben Plan zu hintertreiben mußte, wurden abenteuerliche und verbrecherische Entwurfe berathen : Bafton follte ents flieben. Soldnertruppen werben und unterstütt von einer gleichzeitigen Bolfebewegung, die man im Innern ju feinen Gunften erregen wollte, den Ronig nothigen. ben Cardinal zu entfernen und die Staatsgeschafte in die Bande bes Bruders zu

legen; felbst von einer Ermordung Richelieu's ja fogar des Ronigs murbe gesprochen. Chalais foll von Ornano und der Herzogin von Chevreuse berartige Unweisung empfangen haben. Dem Cardinal maren die Umtriebe feiner Biberfacher nicht fremd geblieben, und er zerriß das Complot mit fraftiger Sand. Ornano und Chalais murben ploglich verhaftet und bes Hochverraths angeflagt. Der lettere mußte feine Unbefonnenheit, ju ber ihn Leichtgläubigkeit und Liebes. taumel fortgeriffen, mit bem Leben auf bem Schaffot bugen, ber ehrgeizige 18. Mus-Marschall ftarb einige Bochen nachher im Gefängniß zu Bincennes. Auch die 2. Cot. beiden Bendomes wurden in Gewahrfam gebracht, andere bochgeftellte Ditichuldige vom hofe verwiesen. Der Cardinal war machtiger als zuvor. Gafton, seiner Rathgeber und Berführer beraubt und durch die Ratastrophe seiner Freunde eingeschüchtert, fügte fich bem Billen des Bofes. Er fchlog die Che, die ibn gum reichften Ebelmann machte, und wurde jum Lobne für feinen Beborfam jum Bergog von Orleans erhoben.

Alle Gedanken Richelieu's waren nunmehr darauf gerichtet, das Ronig- Mimelien thum zu erhöhen und zu befestigen. Um hofe mar fein Unsehen gemachsen, tablenver-Auf sein Entlaffungsgesuch, das er mahrend ber Intriguen seiner Bidersacher fammlung. eingereicht, hatte Ludwig geantwortet, er konne seiner Dienste nicht entbehren, und ihm augleich augefagt, er wolle auf feine Berleumbung boren und ihm biejenigen nennen, die feindselige Gefinnungen wiber ihn außern wurden. Um feiner Politit mehr Rachbrud ju geben, ftutte fich ber Cardinal, wo es anging, auf die legitimen Gewalten. So bediente er fich der Parlamente und der Sorbonne, um die übertriebenen Machtanspruche zurudzuweisen, womit damals die jefuitischpapiftifden Borfechter ber papftlichen Allgewalt gegenüber jeder weltlichen Autorität so anmaßend hervortraten, und die erbliche legitime Souveranetat ber Krone Frankreichs als fundamentales Staatsrecht festzustellen. So bediente er sich ber Rotablen, um die Uebertragung gewiffer hoben Memter und Gewalten, die bem Inhaber zu viel Macht und Einfluß verliehen, auf den König oder die Regierung au erzielen. Die Spigen des Abels, der Geiftlichkeit, des Bürger- und Beamtenstandes, die der Cardinal am Ende des Jahres 1626 in Paris versammelte, Debr. 1626 waren gang mit ihm einverstanden, daß die durch den Tod Lesdiguières in Er- 1627. ledigung gekommene Burbe eines Connetable nicht wieder befett werde; daß die Festungen im Innern bes Landes, Die nicht gur Bertheidigung gegen ben Feind bienten wohl aber ju Stuppuntten ber Rebellen und Unrubstifter, gefchleift murden; daß der Minister-Cardinal jum Großmeister und Ober-Intendanten der Marine ernannt werde, bamit er bie Seemacht und den Sandel Frankreichs beben und bem Viratenwesen fraftiger fteuern moge; daß man burch Berminderung der Jahrgelber und hohen Meinter, burch Bereinfachung ber Sofhaltung Ersparniffe mache und biefe auf beffere Ausruftung und Berftartung bes heeres und der Flotte verwende; daß jede bewaffnete Erhebung gegen Gefet und Obrig. teit als Berbrechen wider Ronig und Reich angesehen und mit Berluft von Amt,

But ja Beben bestraft werben folle. Seitbem man die Generalstände nicht mehr einberief, waren die Rotablen und die souveranen Gewalten ber Parlamente Die legitimen Bertreter ber Ration. Ihre Buftimmung war somit für Richelien eine Aufmunterung auf ber eingeschlagenen Babn fortaufahren. In Begiebung auf die Bestrafung der Ungehorsamen und Rubeftorer ging die Bersammlung in ihren Beschlüffen noch über die Antrage des Cardinals hinaus.

Rriegerifthe

Es war hohe Zeit, daß man in Frankreich auf Berftartung der Seemacht lungen mit und des Heeres bachte, denn schon brohte ein neuer Krieg im Innern und bon 1627. Außen. In Golland und England hatte es große Unzufriedenheit erregt, daß die Regierung gur Belampfung ber Sugenotten behülftich gewesen; die öffentliche Stimme hatte eine Politit verdammt, welche die weltlichen Intereffen über bie religiöfen fellte in einem Augenblid, ba ber Romanismus Die tatholifche Reftauration mit Blut und Gifen durchzuführen fic anschickte. Um meiften war das englische Bolt ungehalten, daß am Sofe die tatholischen Sympathien durch die Ronigin und ihren frangofifchen Gofftaat fo offen und mit einer gewiffen Oftentation aur Schau getragen wurden, mabrend Rarls I. Schwager und Schwefter, durch die papistische Liga von Land und Leuten getrieben, beimathlos umberirrten. Roch immer galten Spanien und Frankreich als bie Rationalfeinde bes eng. lifchen Bolts. Benn die fpanische Brautwerbung früher fo bofes Blut gemacht hatte, was war benn jest durch ben Tausch gewonnen? Mit Mißtrauen blicke bas englische Bott, bei bem die puritanisch-protestantischen Ibeen mehr und mehr Boben gemannen, auf bas Stuart'iche Berriderhans, mit Bag auf ben Gunftling Budingham, ber bie frangofifche Beirath und Alliang am eifrigften betrieben. Die Ungufriedenheit nahm gu, als man in London von reformirten Abgeord. neten und Flüchtlingen erfuhr, bag bie Friedensartitel, welche bie englischen Gefandten vermittelt, für beren Erfallung somit ber Ronig felbft eine gewiffe Sarantie übernommen, von ber Parifer Regierung febr laffig und unvolltommen ausgeführt wurden, daß das Fort Louis mit feiner ftarten Befatung nach wie ber die Stadt Larochelle bedrohe, daß die Inseln Re und Oleron mit Befestigungen und königlichen Truppen versehen seien, daß der Sandel und die Privilegien der Stadt beeinträchtigt würden, daß man anch die religiösen Bersaminlungen beschräntt habe. Selbst in ben Regierungefreifen fühlte man Migmuth und Berftimmung. Der hofbalt ber Ronigin, ber bie tatholischen Intereffen so gefliffentlich au beleben bemüht war, wurde fortgeschickt. Gin Ausgleichsversuch, durch ben Marichall Baffompierre betrieben, hatte geringen Erfolg. Auch in Baris konnte man bald einen Gefinnungswechfel mahrnehmen. Als Budingham, ber erfte Cavalier feiner Beit, ber einft im Louvre eine so glanzende Rolle gespielt, bei ber alten und jungen Konigin fo gerne gelitten war, aufs Reue als Botichafter fic nach der frangofischen Sauptstadt begeben wollte, bewirtte Richelieu, ber bem hoffartigen anmagenden Gunftling zweier Ronige abhold mar, daß fich der Barifer hof die diplomatifche Diffton beffelben verbat. Man fagte bem leichtfertigen

Bofling, ber fo begierig nach dem Umgang vornehmer Damen ftrebte, nach, er habe fich einft in beleidigender Budringlichkeit ber Konigin Anna zu nabern gefucht. Dies gab ben Anftog zu friegerischem Borgeben. Budingham burftete nach Rache; er traf Berabredungen mit Roban und Soubife; er rühmte fich, er werbe ben Befuch, den man abgewiesen, bald ohne Ginladung im Boubre abstatten. Im Juli erfchien er mit hundert Segeln in den Gewäffern von Bretagne, fing frangofifche Sull 1627. Schiffe meg und besetzte die Infel Re. Gin Manifest verfündete, er wolle den Reformirten und insbefondere ber Stadt La Rochelle zu bem Frieben verhelfen, ber ihnen unter Gemabrleiftung Englands jugefichert worden. Er traf fofort Unstalten gur Belagerung bes Fort St. Martin, fand aber in bem Commandanten, dem Marichall Toiras, einen tapferen Gegner. Diefer hielt die Feinde fo lange auf, bis durch Richelien's Thatigkeit auf fleinen fur jene Gewäffer besonders geeigneten Fahrzeugen und Booten Bulfemannichaft und Borrathe jugeführt wurden. Dadurch fab fich Budingham, als die ungunftige Sahreszeit heronructe, zu einem verlustwollen Abzug nach England genöthigt, wo er mit Schmähungen und Borwürfen überschüttet ward.

Mittlerweile hatten auch die Sugenotten in Languedoc, in ben Sevennen Belagerung und Erobeunter Rohans Führung zu ben Baffen gegriffen und La Rochelle burch Soubife rung von la sich zum Beitritt bereden lassen. Dadurch gewann der Krieg einen religiösen 1027. 28. Charafter: Frantreich im Bunde mit Spanien gegen England und bie berbunbeten Sugenotten. Der große Acligionsfrieg, ber bamals in Rorbbentichland und an der Rufte der Oftfee fich abspielte, schien im Beften an ben Gestaden und in den Fluthen des Oceans fich zu wiederholen. Da wie dort bethätigte fich der protestantische Geift und die überzeugungetrene Gefinnung in ganger Starte bei ber muthigen und ftandhaften Burgerichaft einer Seeftadt; an ber Oftfee in der lutherischen Seeburg Stralfund, im westlichen Meere in der Sugenottenstadt La Rochelle. Bährend des Rampfes auf der Jusel Re war König Ludwig XIII. lebensgefährlich erkrankt; alle Geister waren in Spannung, die Opposition gegen ben Carbinal in voller Aufregung und Thatigteit; ber Religionstampf im Guben fchien fich jum Schlachtfeld für alle Richtungen, Beftrebungen und Leibenschaften au gestalten. Rach der Biedergenesung des Monarchen wurde im Conseil nach ernstlicher Berathung ber Befdluß gefaßt, La Rochelle burch einen Belagerungs. frieg jur Unterwerfung ju bringen und bem hugenottischen Gemeinwefen ein Ende zu machen. Denn fo lange die reformirte Union mit ihrem festen Bollwerte unabhängig baftebe, und jedem inneren und quemartigen Feinde bie Band reichen tonne, fei ber Ronig nicht wahrer Souveran bon Frankreich. Es mar noch nicht vergeffen, bag einft Bubenne und Poiton unter englischer Berrichaft gestanden; tonnte nicht jett bie religiose lebereinftimmung ein neues Band flechten? So wurde denn im Spatherbst die Belagerung von La Rochelle in 1827. Angriff genommen, eine Begebenheit, Die ben bentwürdigften Thaten bes Jahrhunderts an die Seite gestellt werden barf. Budlugham hatte bei feiner Abfahrt

versprochen, bald wiederzutommen; in diefer Ausficht nahmen die Sugenotten in La Rochelle den ungleichen Rampf an. Die Belagerung der durch Mauern, Graben und Thurnte geschützten Safenstadt wurde mit allen Mitteln ber bamaligen Rriegstunft ine Bert gefest, und zwar gleichzeitig zu Baffer und gu Land. Denn es war auf eine enge Blotade abgesehen, um jede auswärtige Sulfe abzuhalten. Durch Sunger wollte man ber unüberwindlichen Festung Meister werben. Babrend baber die Landseite, fo weit nicht Morafte und Rieberungen eine natürliche Schupmehr bildeten, burch eine Reihe von Forts umgeben und mit Eruppen unter ben Marichallen Schomberg und Baffompierre befett murbe; fperrte man ben Safen durch einen Ballifadenring, ber bon bem Parifer Architetten Metezeau und bem Steinmegen Tiriot ausgeführt als ein Bunderwert ber Rriegsbautunft jener Tage galt. Bon beiden vorfpringenden Ufern wurde mittelft versentter Schiffe aus Pfahlwert, Quaderfteinen, Solgbloden ein Damm aufgeführt, ber jede Ginfahrt in ben Bafen unmöglich machte, ein Wert das an die Belagerung von Thrus durch Alexander erinnerte. Ariegsfchiffe bor bem Gingang und Forts an ben Ufern vollendeten die Ginichließung. Den gangen Binter über murben bie Belagerungsarbeiten unter ben Angen bes Ronigs und bes Cardinals felbst emfig betrieben; als im Februar Ludwig nach Baris beimkehrte, blieb Richelieu allein im Lager gurud, obwohl er neue Intriquen von Seiten feiner gablreichen Feinde fürchten mußte. Er erkannte richtig, daß feine ganze Bukunft auf bem Gelingen ber Kriegsoperationen vor La Rochelle berubte. Diesmal batte er auch die Ultramontanen für fich. 3m Lager wimmelte es von Geiftlichen und Monchen; ber Alerus bewilligte eine betrachtliche Beifteuer. Aber auch die Burger von La Rochelle begriffen die ganze Bichtigkeit ihrer Lage: es handelte fich um ihre municipalen Rechte, um ihre merkantile Beltstellung, um ihre Religion, und fie maren entschloffen, diese hoben Guter heldenmuthig zu vertheidigen. "Ich nehme die Burde eines Anführers nur mit ber Bedingung an", foll ber entichloffene Burgermeifter Guiton gefagt haben, "daß ich dem ersten, der von Uebergabe spricht, den Dolch ins Berg bohre; wenn ich felbst je baran bente zu capituliren, so mag man ihn gegen mich tehren." Es war berfelbe Belbengeist, ben einst die Lepbener gegen die Spanier bewiefen. Aber ber Ausgang war nicht mit foldem Erfolg gefront. Man hatte einen großen Theil der Borrathe den Englandern auf der Infel Re zugewendet; daher gerieth die Stadt bald in harte Bedrangniß. Mit Sehnfucht erwartete man von Eng. Mai 1629. land die versprochene Sulfe; aber die Schiffe, die im Mai auf der Bobe vor La Rochelle in Sicht tamen, tehrten, ohne einen Angriff zu wagen, unverrichteter Dinge beim. Die Aufregung, Die beshalb die Gemuther in England ergriff, bat fich in ber Ermordung bes Herzogs von Budingham Luft gemacht. Gin zweites englisches Geschwader, bas im September ben Canal durchschiffte, um den Glaubensgenoffen Gulfe zu bringen, hatte eben fo wenig Erfolg. Go blich benn ber von hungerenoth und Rrantheit furchtbar beimgesuchten Stadt, nachdem

sie ein Sahr lang alle Leiden standhaft ertragen, nichts übrig als Unterwerfung auf Gnade und Ungnade. Um Allerheiligentage hielten der Ronig und ber Cardinal 1.90ov. 1682. ihren Einzug in die entvölkerte Stadt und ließen unter die Einwohner, die halb. verhungert in ben Strafen umberschlichen, Lebensmittel vertheilen. folgte ein schweres Strafgericht. Die Brivilegien und municipalen Rechte wurden aufgehoben, die Mauern und Festungswerte abgetragen, die Rathedralfirche den Ratholiken eingeräumt und ber romische Cultus mit einem bischöflichen Rapitel feierlich aufgerichtet.

Mit der Uebergabe von La Rochelle war die Kraft des reformirten Gemeinwesens Musgang bes hugenottenin Frankreich gebrochen; daher ging der Rrieg, der zu gleicher Beit in den beiden Lans triege und guedoc, von der Garonne bis zur Rhone und in den Bergen der Sevennen und in Bivarais bas Gnabenmit landervermuftender Buth geführt worden war, einer Erfcopfung entgegen. Bie mes 1629. follten die übrigen Sugenottenftabte der toniglichen Macht ju widerfteben bermogen, nachdem das wichtigfte Bollwert gefallen? Die tatholifche Reftauration , die bamals an viclen Orten fo erfolgreich burchgefest warb, ichien auch in Frantreich ihrer Erfüllung entgegenzugeben. Aber jum Glud fur die frangofischen Reformirten war Richelieu ein Staatsmann von weiteren Befichtsfreisen als Raifer Ferdinand und Bergog Maximilian. Batte er es auf Bernichtung des protestantischen Glaubens und Gottesdienstes abgesehen, fo ftand ein Rampf auf Leben und Sod bevor, welcher die Rrafte Frankreichs auf eine Reihe von Sahren in Anfpruch genommen und die auswärtige Bolitit gelähmt haben wurde. Und tonnte benn nicht Spanien, trop feines fatholischen Gifere aus politischen Rudfichten den frangofifchen Reformirten Bulfe bieten? Go wenig lag ein folcher Fall außer dem Bereiche der Möglichkeit, daß Olivarez bereits mit Roban in Unterhandlung wegen eines Bundniffes getreten war. Die Bugenotten follten Subfidiengelder erhalten, dafür aber fich verpflichten, die Betenner der tatholifden Religion nicht zu fcabigen. Die Streitigkeiten, die bereits wegen der Erbfolge in Mantua und Montferrat gwifchen bem Parifer und Madrider Gof ausgebrochen waren, ließen bald neue friegerifche Berwidelungen erwarten. Schon mar ein frangofifches heer über die Alpen gerudt, um Cafale zu befegen; Ludwig felbft unternahm trog der winterlichen Sahreszeit den beschwerlichen Feldzug. Darum suchte Richelieu bor Allem, ben Frieden im Innern berguftellen. Indem er Allen, die fich freiwillig unterwerfen wurden, Bergeihung und Onade, den Biderfpenftigen dagegen ftrenge Beftrafung in Aussicht ftellte, tam er rafc jum Biel. Das Beifpiel von Privas, das für feinen hartnadigen Widerstand nach Dai 1620 ber Eroberung Blunderung und hinrichtungen erleiden mußte, flogte den Andern Muthlofigfeit und Schreden ein. Much Roban ertannte die Unmöglichfeit, den ungleichen Rampf fortzuseten. Bon England, das mit Frankreich Frieden geschlossen, war teine Bulfe zu erwarten : ein Bundniß mit Spanien war unnatürlich und brachte die Bugenotten in eine falfche Stellung ju ber gangen übrigen protestantifchen Belt. So fuchte er benn gu einer Berftandigung gu tommen und wenigstens bie Gewiffensfreiheit gu retten. Denn die politifche Stellung, welche die reformirte Benoffenschaft Frankreichs bisber behauptet, widerftrebte ben Ideen und Lebensformen, die in der Ration die Berrichaft zu erlangen fuchten. Und Richelieu erleichterte dem Bergog und feinen Glaubensgenoffen burch verfohnliches Entgegentommen ben fcweren Schritt ber Unterwerfung. Der große Staatsmann folgte micht bem Beifpiel ber tatholifden Fürften Defterreichs und Bagerns : es genügte ibm, ben Sugenotten ihre politifche Macht, ihre geftungen und ihre selbftanbige republitanifche Stellung inmitten bes monarcifchen Staates zu entreißen, aber die religiofe Freiheit und die ftaatsburgerlichen Rechte follten nicht angetaftet werden. Der

Rönig batte in einem Manifeft verfündigt, daß er die Betenner der "fogenannten" reformirten Religion, fofern fie feine Onabe anrufen murben, nicht in ber Ausubung ibres Gottesdienstes verhindern und fie gleich seinen tatholischen Unterthanen behandeln werde. Und diefe Busage murbe gehalten. Als auch Rimes und Mantauban, die am langsten im Biberftand beharrten, die Sand gum Frieden boten, murde gu Mlais ein Bertrag

27. Juni abgefchloffen und als "Gnabeneditt von Rimes" befannt gemacht.

Diefes gewährte ben Reformirten die volle Amnestie und ben Fortgenus ber firchlichen und burgerlichen Rechte, die ihnen in bem Ebitt bon Rautes zugeftanden worden, nahm ihnen aber die Sicherheitsorte und ihre politifche Selbständigkeit und Sonberftellung. Die geftungsmerte murben gefdleift, die politifden Berfammlungen unterfagt, Die Spnoden unter Die Aufficht eines toniglichen Bevollmachtigten gestellt und auf religiofe Angelegenheiten beschrantt. Die Ultramontanen maren mit diefer Uebereinfunft , Die mit bem Genius bes Beitalters im Biberfpruch ftand, feineswegs gufrieben; fie verlangten, bas die Ausübung des reformirten Ritus verboten werde. Das Parlament von Touloufe tonnte nur durch den ausbrudlichen Befehl Richelieu's jur Berification des Chifts gebracht werden.

Richelieu

Benn ber Cardinal den religiöfen Gifer ber tatholischen Bortampfer in und bie refore Schranten bielt, fo gefchah es nicht aus hinneigung zu ben Ideen ber Tolerang, Glaubenes fondern nur aus politischer Berechnung. Der Friede im Innern und die Unterstützung ber beutschen Protestanten, Die er vorhatte, vertrug fich nicht mit religiofen Berfolgungen. Dagegen leiftete er ber Berbreitung bes Ratholicismus in ben von der Regerei angestedten Orten und Landschaften allen möglichen Borfcub. Die Jefuiten durften fich überall niederlaffen und ihre Befehrungen betreiben ; und wo es ohne Auffehen geschehen tonnte, berfurzte man die Reformirten in ihren burgerlichen Rechten. Selten ließ man fie au boberen Memtern emporfteigen. Der Chrgeis follte ein Sporn fein jum Uebertritte in die Staatsfirche. Bon der Beit an wurden die Conversionen sustematisch betrieben und führten bei bem Abel zu glanzenden Erfolgen. Je mehr der Eultus des Ropalis. mus Burgel faßte, besto mehr tam in ben Soffreisen und bei ber Aristofratie Die Unficht zur Geltung, daß es mit ber Lopalität eines Unterthanen unvereinbar fei, einer andern Religioneform anzugehören, ale ber Ronig ober gar bie Lebre. au der fich die geheiligte Majeftat befenne, für irrthumlich ju halten. Die Ausbrudeweise "fogenannte reformirte Rirche", Die nun felbst amtlich in Gebrauch tam, war ein Musfluß biefer Unschauung.

Roban, mit Richelleu ausgesohnt, übernahm einige Beit nachher bas Commando ber frangofifden Befagungstruppen, melde fur die Graubundiner die Baffe von Baltellin bewachten, und leiftete dann als Rriegsoberfter im Elfaß und am Oberrhein der Bolitit des Cardinals gegenüber der öfterreichifc-fpanischen Dacht wichtige Dienfte. 13. April 3m Deere Bernhards von Beimar erhielt er vor Abeinfelden die Lodesmunde und murde 1638. auf dem Friedhofe in Genf beigefest. (XI, 957. 987.)

## 2. Richelien und die aristokratische Opposition.

Bwei Triumphe hatte ber Carbinal errungen: burch bie Entwaffnung ber Bolieft. Sugenotten hatte er ben unruhigen und ehrfüchtigen Großen ihren stärksten Rud.

halt genommen und zugleich ben Rleritalen zu Gefallen gelebt; burch die Ginmifchung in die italienischen Angelegenheiten hatte er ber fpanisch-öfterreichischen Bergrößerungefucht Schranten gefett und zur Erneuerung ber alten frangofischen Alliangen und Sompathien bei ben Fürsten und Staaten ber Salbinsel ben Boben bereitet. Der Mantuanische Erbfolgetrieg, ben wir früher tennen gelernt haben, (XI, 927) bot bem Kardinal eine gunftige Gelegenheit, bie Macht und bas Unfeben Spaniens in Italien ju erschüttern, ber unbedingten Borberrschaft ber Sabsburgifchen Bolitit ein Ende zu machen. Als er felbst bom Ronig mit ber oberften Beerführung betraut, an ber Spipe bedeutenber Streitfrafte die Alpen überstieg, durch die Eroberung von Pignerolo den wichtigen Alpenpaß für Frankreich ficherte, ben zweibeutigen Bergog Rarl Emanuel von Savoben nothigte, bas fpanifch-öfterreichische Bundniß aufzugeben, ba ertannte Europa, bag eine neue Aera in ber frangösischen Geschichte im Anbruch fei.

Bir tennen die Urfachen, welche im Mantuanifchen Succeffionstrieg der frangofifchen Politit den vollständigen Sieg verschafften. Es mar mohl im Widerspruch mit der allgemeinen Beitströmung, welche ihre gange Rraft auf die Berftellung ber frechlichen Ginheit unter Roms Brincipat gerichtet hatte, daß eine tatholische Regierung, bei welcher ein Cardinal und ein Mond den Musichlag gaben, mit einem nordifden Ronig fich verband, der die Erbaltung des protestantischen Lehrbegriffs und die Beschützung der ebangelischen Reichsfürsten gegen die jefuitisch faiserliche Bergewaltigung auf seine gabne fcbrieb. Benn man fich aber erinnert, wie einst die erften Balois gehandelt hatten, was der erfte Bourbon tury bor feiner Ermordung im Schilde geführt ; fo wird man leicht ertennen, daß Alchelieu und fein Agent in der Monchslutte auch in diefen Combinationen nur auf die alten politifden Eraditionen gurudgingen: die habsburgifde lebermacht gu brechen und ju bem 3med alle Gegner berfelben, ohne Rudficht auf Religion ju unterftuben. Die turgfichtige Bolitit und der engherzige Fanatismus, die damals in Bien die Sandlungen und Entichließungen bes Raifers und feiner Rathgeber bestimmten und lentten, arbeiteten bem Augen frangoficen Staatsmann in die Sande. Das Regens. burger Reftitutionseditt (XI, 919) war ein machtiger Bebel ju Franfreichs Emportommen und Suprematie in ber europaischen Bollerfamilie.

Bie wenig waren aber felbft in Frantreich bie machtigen Perfonlichfeiten, Maria von Mebiels und in beren Bande die Geschide ber Ration gelegt maren, im Bergen geneigt, Die Richelien. 3been und Tendengen bes Minifterprafibenten gu fordern und gu unterftugen! Bie febr ftraubten fich die perfonlichen Intereffen und Leidenschaften gegen bie Berrichaft eines Beiftes, ber ihren Bunfchen und Borurtheilen fo fcharf entgegentrat! Um biefelbe Beit, ba er in Italien bie Macht Frankreichs berftellte, ba er Mantua dem frangofischen Bratendenten zuwandte, mit bem neuen Bergog von Savopen Bictor Amabens, ber mit einer Schwefter Ludwigs XIII. vermählt war, ein vortheilhaftes Bundniß ichlos, ben frangöfischen heeren ben Ginmaric über ben Alpenbag von Bignerolo ficherte, jog fich ein neuer Sturm am hofe über seinem Saupte gusammen. Seit ber Ansfohnung mit ihrem Sohne hatte bie Ronigin Mutter in gutem Ginbernehmen mit Richelieu geftanden. 36m batte fie es hauptfachlich ju banten, baß fie an ben Bof gurudtebren burfte, baß fie

im geheimen Rathe Gip und Stimme erhielt und auf die Regierung einwirten tonnte. Bum Dant dafür batte fie ibm in Rom die Cardinalewurde verschafft. Diefes Berhaltniß erfuhr jest eine Storung. Maria hatte eine große hinneigung au religiofer Devotion; fie verfaumte feine Meffe, fie pilgerte au allen gefeierten Ballfahrtsorten; fie lieh ihrem Beichtvater und den Zefuiten willig Gebor: Bater Berulle hatte bis ju feinem Tode großen Ginfluß bei ihr; die Bunft die fich einft Baligai erworben, beruhte jum Theil auf ben religiofen Sompathien. Darum empfand fie großen Unwillen, daß der Minister fich mit den tegerischen Feinden bes fpanisch-öfterreichischen Saufes in Berbindungen einließ, daß er gegen ihren Schwiegersohn Philipp IV., fur ben fie ftets Borliebe empfand, ju Felde gezogen. Die gange kleritale Partei theilte ihre Meinung; es murbe wie eine Berfündigung gegen die rechtglaubige Religion angeseben, das Frankreich bie Schirmherren bes Ratholicismus befehbete. Auch die Gemablin Ludwigs XIII., Philipps IV. Schwefter, in ber Geschichte befannt unter dem Ramen Anna von Defterreich, mar dem Cardinal, dem Beinde ihres Saufes abgeneigt, weniger aus religiofen Motiven, als weil ihr ehrgeiziges berrichfüchtiges Gemuth es fcmer ertrug, daß fie durch ihn von den Staatsgeschaften fern gehalten warb. Ja ber Ronig felbst mar seinem Minister nie gewogen. Als Ludwig im September des Jahres 1630 abermals von einer schweren Krankheit befallen ward, ließ er fich von seiner Umgebung ju dem Bersprechen fortreißen, daß er Richelieu entlaffen wolle, sobald ber fpanische Rrieg zu Ende fei. Dem Cardinal mar die Gefinnung feines Ronigs fein Gebeimniß : icon wahrend bes Sugenottenfrieges fagte er ein. mal, er habe gegen drei Ronige ju tampfen, gegen den englischen, den spanischen und den frangöfischen. Aber so machtig und überwältigend mar der Geift bes Mannes, daß Ludwig nach seiner Biedergenesung nicht magte, die Bugel ber Regierung in andere Bande ju legen. Es wird eine mertwurdige Scene im Palaft Lugembourg ermabnt, wo Maria ben Konig in einem Zwiegesprach von ben verderblichen Abfichten des Cardinals zu überzeugen suchte, ohne fich durch den ploglichen Eintritt beffelben ftoren zu laffen. Sie wünschte, bag die Leitung der Staatsgeschafte ben Brüdern Marillac, dem Großfiegelbewahrer und dem Marschall übertragen wurde. Bebermann erwartete ben Sturg bes Ministers; er selbst erwog bereits, wohin er fich gurudziehen folle. Und bennoch blieb ibm ber Gieg. Gine perfonliche Bufammentunft mit bem Monarchen in Berfailles genugte, um die Intriguen feiner Gegner zu gerreißen. Die Marillacs wurden unter Aufficht gestellt und bas Reichs. 11. 900, fiegel in andere Sande gegeben. Co endigte der "Zag der Dupirten", wie man spottend ben unerwarteten Ausgang bezeichnete, mit einem vollständigen Triumphe Richelieu's und feines Spftems. Der Ronig ließ fich überzeugen, daß es feine Bflicht fei, ben Staat groß und ftart zu machen, die öffentliche Ordnung zu erhalten, die Gewaltsamleiten der Großen zu verhindern, bofe Anschläge zu unterbruden.

Die abfolutiftifchen Tendengen erhielten durch die fiechliche Burde Richelicu's eine Ausbilbung gewiffe Beihe. Gin Konig von Gottes Onaden eingefest, bewies er, befige die hochfte tiennue. Macht und Autoritat im Staat; alle Gewalten gingen bon feiner Couveranetat aus; Auflehnung gegen feinen Billen und feine Gebote fei ein Majeftatsverbrechen, bas ohne alle Rudficht auf Stand oder Geburt aufs Strengfte bestraft werden muffe; tein Ansehen der Berfon durfe dabei in Betracht tommen. Diefe Anschauungen von der hochften unbeschränkten Sewalt bes Ronigthums fanden felbft bei manchen Segnern bes Cardinals Eingang. Der "Code Dichaud", ein Bert des Grofflegelbewahrers Michel Marillac, des eifrigen Anhangers ber Maria von Redicis, ift ein Ausbrud biefer neuen ftaatsrechtlichen Theorie. Die Borrechte der Rrone find darin allen andern fouberanen Staatsorganen weit borangeftellt.

Maria von Medicis mar um fo ungehaltener über diese Bendung, je Complet ficherer fie und ihre Umgebung den Sturg Richelien's erwartet batte. In ihrem Gaftone von Junern wühlten die damonischen Machte des Stolzes, der herrichfucht, des iest. Bornes über den Undant des Mannes, den fie aus dem Staub erhoben. Selbst gegen ben Gobn tehrte fich ihre Abneigung, fie begegnete ihm mit fichtlicher Burudhaltung und mied feine Gegenwart. Bohl gab es Stunden, in welchen fie an eine Ausfohnung, an eine Bieberberftellung bes alten Berbaltniffes bachte, und weber der Ronig noch der Minister ließen es an Berfuchen fehlen, ihr grollenbes Gemuth zu beruhigen; bann ermachte aber wieder bas Gefühl bes gefrantten Stolzes, ber Burudfegung, bes verminderten Ginfluffes auf Die Staatsgefcafte in aller Starte; fie tonnte es nicht ertragen, bag man ihre Bertrauten, ihre ergebenen Anhanger vom hofe fern hielt, daß fie nicht nicht herrschen sollte, wie in den Tagen ihres Blanges. Sie faßte ben verberblichen Blan, ihren innaern Sohn, Gafton von Orleans, jum Bertzeug ihrer Rache gegen ben Cardinal ju machen, ihn dem königlichen Bruder entgegenzustellen. Roch hatte Ludwig XIII. feinen Leibeserben, ber Bergog galt somit als prafumtiber Thronfolger. Bir wiffen, daß er schon früher fich in ein weitverzweigtes Complot hatte hineinziehen laffen; feitdem war fein Berhaltniß zu Richelien ein befferes geworben. Run aber tamen mehrere Urfachen jufainmen, die ibn mit Miftrauen gegen ben Minifter erfüllten und den aufreizenden Reden der Mutter fein Ohr öffneten. Er tundigte laut und offen dem Cardinal die Freundschaft auf und verließ ben Sof. Orleans, 31. 3anuar wo er feinen Aufenthalt nahm, wurde balb ber Mittelpunkt weitverzweigter Conspirationen, die in Paris, im Louvre ihre Mitwiffer und Forderer hatten. Der Ronig gerieth über' bie neuen Sofintriquen in große Aufregung. Er begab fich nach Compiègne, begleitet von Richelieu, aber auch von Maria, die in diesem fritischen Momente ben Sohn nicht aus ben Augen laffen wollte. In Compieque reichte ber Minister ein Gutachten ein, in welchem er ausführte, bas ein traftiges Regiment und eine folgerichtige Politif unmöglich fei, fo lange die Rönigin fort und fort Rabalen gegen ihn anlege und ihm entgegenwirke, die malcontenten Abelshäupter wiber ibn aufreige, felbft bie verwandten Bofe in Spanien, in Savogen, in Lothringen in ihr Intereffe zu ziehen fuche, um

seine Entwürfe scheitern zu machen. Er forberte seine Entlaffung, wenn ber Ronig nicht entscheibende Dagregeln zur Abstellung ber Uebel ergreife. Richelieu erreichte feinen 3wed. Der Ronig reifte ploglich mit feiner Gemablin ab und 23. Bebr. untersagte seiner Mutter, ihm an den Hof zu folgen. Sie sollte unter der Chrenmache bes Marichalls d'Eftrees in Compiegne gurudbleiben; bie Damen ihres Bertrauens, por Allen die Prinzessin von Conti, Schwester bes Bergogs von Suife und die Bergogin von Elboeuf, Ludwigs XIII. natürliche Schwefter, wurden bom Sof entfernt. Marichall Baffompierre, Dberft der Schweizergarde, mußte in die Baftille mandern, wo er bis jum Tobe des Cardinals festigehalten ward. Der Bergog von Orleans wurde gur Rudtehr an ben Sof eingeladen; aber er fürchtete ebenfalls unter Aufficht gestellt zu werden und befcolog, als ber Ronia mit Truppen gegen die Loire 20g, bas Reich zu verlaffen. Er flüchtete fich nach Lothringen, begleitet von seinen Sauptrathgebern und Aufftiftern Le Coigneux und Bublaurens, um von bort aus fein unruhiges Treiben mit mehr Rachbrud fortzusegen. Denn wie wir wiffen (XI, 952) ftand ber Bof von Rancy in ben freundschaftlichsten Beziehungen zu ber Konigin Maria; und bie Berbindung des Bergoge mit ber fpanischen Regierung in Bruffel und mit ben malcontenten Großen in Frantreich fonuten in bein Grenglaude fortgesponnen und zu einem Umfturg bes bespotischen Regiments benutt werben. Auch bie Rönigin Mutter erfah fich eine gunftige Gelegenheit, ba man ihr freiere Bewegung gestattete, um nach ben Rieberlanden zu entflieben.

Ronigthum und Barlas

:1

į,

I

Die Ratastrophe von Compiègne machte in Frankreich das größte Auffehen: ment. eine Menge Flugschriften von beiden Varteien gab Zeugniß von der leidenschaftlichen Erregung ber Gemuther. Als ber Rönig mehrere Genoffen bes Complots, die Herzöge von Elboeuf, Roannez, Bellegarde, den Grafen von Moret, einen unächten Sohn Beinrichs IV., Die Berren bon Coigneur und Puhlaurens als Majestätsverbrecher ertlaren ließ, erhob bas Pariser Parlament, wo ber Cardinal manche Gegner hatte, Bebenten gegen die Berification des Editts. Da bedeutete ihm Ludwig XIII., daß weder das Parlament noch irgend eine Gewalt das Recht habe, tonigliche Entscheidungen einer Discuffion zu unterwerfen. Der Ronig fei bon Gott gur Berrichaft berufen und für feine Regierungshand. lungen nur ihm verantwortlich. Das Protocoll über die Berhandlungen mußte geloscht und bas Editt in der amtlichen Rassung eingetragen werden. Es war 12. Mai bas Beben bes neuen Beitgeistes, bem Richelieu burch Bort und That Geltung verschaffte. Ein besonderer Gerichtshof, aus rechtstundigen Gliedern des Staats. raths gebilbet, führte die Untersuchung gegen die Angeklagten und fällte bas Artheil. Auch gegen biefe Reuerung erhob das Parlament Beschwerde und bestritt bie Rechtsgültigkeit des außerordentlichen Gerichts: aber der Großsiegelbewahrer gab den Abgeordneten die Erklärung, der französische Staat sei monarchisch; Alles bange barin von bem Billen bes Konigs ab, der nach feinem Belieben Richter bestimmen und Gelderhebungen nach Berhaltniß der Staatsbedürfnisse machen

tonne. Ale der Ronig der Parlamentsdeputation diefen Beicheid ertheilte, mar Die Opposition, Die in Lothringen ihren Sit aufgeschlagen bereits gersprengt; in Des, bas jum Beerd ber Agitationen und Berfcworungen auserseben mar, empfing fie die Antwort.

Richelieu fab es gar nicht ungern, bag Lothringen von feinen Gegnern als Stus ! Lothringen. puntt für ihre aggreffiben Blane ausertoren marb : ber unruhige, vielgeschäftige Bergog Rarl IV. war in die fpanisch-öfterreichisch-tatholische Bolitit, die damals am Rhein fich abspielte, tief verflochten; er follte die religiofe Reaction gegenüber den Schweden und Brotestanten burchführen belfen. Benn nun Ricelieu, ber jest im geheimen Rathe unbebingt bas entigeibende Bort führte, ben Ronig bewog, mit einem Beer gegen Lothringen ju gieben, fo biente er zugleich feinen Berbundeten in Deutschland trat ben Blanen feiner Zeinde entgegen und forderte bas Intereffe Frankreichs.

Es machte den Cardinal nicht irre, daß ein großer Theil des Abels, ber Bergweigung Beamtenwelt, des Boltes mit den Gegnern sympathisirte; je mehr diese ihre plots. 1831. Blide auf Spanien richteten, befto entschiedener verfolgte er feine eigenen politischen Biele. Der Bergog von Orleans, schon seit einigen Jahren Bittwer, hatte fich mit Margaretha, ber jungften Schwester bes Bergogs von Lothringen vermahlt und war dann ju feiner Mutter nach Bruffel gegangen, wo Ifabella beiben eine hulbvolle Aufnahme bereitete. Roch immer war ja Safton ber Thronfolger; wenn er und feine Mutter in die Stellung gurudfehrten, wogu fie burch Rang und Geburt berechtigt waren, welche Bortheile tounte bann Spanien von ihrer Dantbarteit erwarten! Bie zur Beit ber Lique mochte bann Franfreich feine Directiven von Madrid empfangen. Durch ben berzoglichen Sof von Lothringen hatten die Schützlinge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 in Bruffel Fühlung mit den nördlichen Brobingen; burch ben Bergog Rarl von Guife, Gouverneur ber Brovence und Befehlshaber ber frangofischen Flotte bes Mittelmeeres, und burch Beinrich II. von Montmorency, ber als Gemahl ber Felicia Orfini aus bem florentinischen Fürstenhaus mit ber Konigin Mutter in verwandtschaftlichen Begiehungen ftand und als Gouverneur von Languedoc eine wichtige Stellung einnahm, tonnte ber fpanifche Ginfluß im Guben geltend gemacht werben. Denn gerade in biefen Sandschaften, Die vor Alters ju der Krone Frankreich in einem febr Lofen Berband geftanden, wo noch vor Rurgem die Foberation ber Reformirten ber Regierungsgewalt Schranten gefest hatte, war man wenig geneigt, einem Absolutismus zu huldigen, wie ihn ber Cardinal zu begründen trachtete. Montmorency, ber Sohn Damville's, bes Streitgefährten Beinrichs IV., "eine ritterlich fürftliche Ratur, freigebig und glangend, tapfer und bochfirebend" befaß in Languedoc eine große Popularitat als Erbtheil feines Saufes burch mehrere Generationen: durch ibn wurden die Stande ju ber Ertlarung angeregt, daß fie bie alten Rechte ihrer Proving gegenüber den Reuerungen der Regierung und ber Amtsgewalt ber von ihr eingesetten toniglichen Commiffionen vertheibigen wollten. Gine gewaltige Bewegung mar im Angug : fpanifche Galeeren trengten im Mittelmeer, ba und bort sammelten fich Rriegsbaufen an ber Grenze, im

Lugeniburgifchen mar ein Berbelager für ben Bergog von Orleans aufgeschla. gen; in den lothringifchen Festungen lagen ftarte Barnisonen; alle Unzufriedenen im Königreich maren bereit, die Rechte der Königin Mutter und bes Thronerben gegen die bespotische Gewalt bes ersten Ministers zu vertheidigen. Man rechnete darauf, daß Epernon in Gupenne, daß Créqui in der Dauphine fich fur Gafton ertlaren wurden. Der Cardinal verlor jedoch feinen Augenblid ben Muth. Er wußte, daß seine Reinde ohne Blan und flares Einverstandniß handelten, jeder auf eigene Band, mahrend er nach allen Seiten einen ficheren Schlag führen fonne. Auch hatten fich einzelne Abelebaupter, die fruber gegen die Regierung Die Baffen geführt, mit bem Cardinal berfohnt und lieben ihm ihren Urm. Go ber Pring von Condé, ben Richelieu burch Buwendung von Ginnahmen, fur Die fein Berg fehr empfänglich mar, auf feine Seite zu gieben gewußt. Conde murde in die Provence gefandt, um bem Bergog Rarl von Guife entgegenzuarbeiten. Bon dem Ronig zur Rechenschaft vorgeladen, verlor dieser ben Muth; er bat um die Erlaubniß, gur Erfüllung eines Gelübbes eine Bilgerfahrt nach Loretto tuguft 1631. antreten ju burfen. Die Bitte murbe ihm gemahrt unter ber Bedingung, bas er nach feiner Rudtehr ber Labung Folge leifte. Buife ift nie gurudgetommen.

Maricall. Marillac

218 die Ruftungen im Lugemburgifchen einen Ginfall der Orleanisten in Frankreich erwarten ließen, beschloß ber Cardinal, durch ein energisches Strafgericht vor jedem Anschluß abzuschreden. Schon feit einigen Jahren befand fich der Marschall Marillac in der Baftille. Sest wurde er der Erpreffung und der Beruntreuung öffentlicher Gelder bor einem Sondergericht unter dem Borfit des Siegelbewahrers angeklagt und von demfelben jum Tode verurtheilt. Das Barlament hatte umfonft geltend gemacht, daß der Proges vor fein Forum gehore; es mußte fich in die Staatsraifon finden. Der

8. Mai 1632 eigentliche Grund der hinrichtung des Marfcalls mar feine Berfiechtung in das frubere Complot der Königin. Die ju feinen Gunften laut gewordenen Stimmen murden als Einschüchterungsversuche gedeutet , darum tonne auch der Ronig teine Gnade ergeben laffen.

Nieberlage ber Infurs gang. 1632.

Und als nun Gafton mit einer Reiterschaar, die er in den wallonischen und genten niederlandischen Probingen geworben, über Lothringen in Burgund einfiel, um, renco's Auss wie ein Manifest verfundete, den Cardinal Richelieu, den Feind des Ronigs und des königlichen Saufes, den Berderber des Staats, zu befriegen; da bewirfte der Minister, daß das Parlament sowohl ben Bergog von Orleans als feinen Bundeegenoffen Montmorency für Rebellen erklarte. Billig unterftupte Conde dabei die Regierung, obwohl Montmorency sein Schwager war. Dieses Urtheil schreckte viele Magnaten und Städte, wenn fie auch innerlich dem gewaltthatigen Staatemann abgeneigt maren, bon einem offenen Anschluß an Die Opposition ab: Epernon verhielt fich rubig und felbst in Riederlanguedoc vermochte der friegemuthige Montmorency die Bevollerung nicht zu einer Erhebung wider die Regierung zu bewegen. Rur einige Reiterfähnlein ftanden ihm gur Seite, entichloffen bem ritterlichen Beerführer in Rampf und Tod ju folgen. Unter folden Umftanden war ber Ausgang ber Schilderhebung vorauszuschen.

Als König Ludwig felbst rasch in Lothringen eindrang und Rancy bedrohte, sab fich Bergog Rarl gu einem neuen Bertrag genöthigt, durch ben er fich gur Rriegs, 26. Juni hülfe wider jeden Feind verpflichtete und zwei seiner wichtigsten Festungen auf vier Sahre in des Konigs Sand gab. Mittlerweile mar Safton mit feinen Beerhaufen nach bem Guden gezogen, um mit Montmorenen berbunden an der Spipe bes languedocichen Abels und im Bertrauen auf fpanische Gulfe einen Sauptichlag zu magen. Eros ber Abmahnung bes erfahrenen Grafen von Rieug 1. Sept. ließ fich Montmorency burch seinen schlachtmuthigen Ungeftum hinreißen, bas königliche heer unter Marschall Schomberg, das zwar schwach aber durch einen Graben geschütt mar, bei Caftelnaudary in einem tubnen Reitergefecht angugreifen; aber die fleine Schaar, die bem tapfern Führer über den Graben folgte, wurde gurudgefchlagen; ber Bergog felbft ffurzte verwundet von feinem mit bunten Gebern gefchmudten Streitroß und wurde gefangen. Gein Bundesgenoffe Safton wollte den Rampf fortfegen; aber das gange Land ertlarte fo raich feine Unterwerfung, daß ber Flüchtling, verlaffen und bulflos auf Ergebung benten mußte. In Beziers unterzeichnete er ben Bertrag, worin er bes Rouigs 20. Copt. Gnade anrief, allen Berbindungen mit Spanien, mit Lothringen und mit feiner Mutter entfagte und in Allem fich nach bem Billen bes Bruders zu richten veriprad. Dafur murben ibm feine Guter und Ginfunfte gurudgegeben und Bergeibung gewährt. Die Onabe mard auf feine Bitte auch auf feine Freunde und Berbundeten ausgedehnt, nur der Rame Montmorency fehlte in der Bahl. Der hochgestellte Berr mußte ber Staatsraifon jum Opfer fallen. Die frubere Freund. schaft mit bem Minister trug ihm feine Früchte, Richelieu wollte zeigen, daß es für Aufrührer gegen die neue Staatelehre von ber Allmacht bes Konigs und ber Befete teine Gnade gebe. Bie viele Fürbitten und Berwendungen für den fürstlichen leutseligen Mann an bochster Stelle versucht wurden; Ludwig XIII., damals mehr als jemals unter bem geiftigen Bann bes Cardinals, wies fie alle gurud. Bon bem Parlamente gu Toulouse wegen Emporung und Majestates beleidigung jum Tobe verurtheilt, ftarb ber lette Spröfling des erlauchten 30. Dft. Saufes der Montmorency im Stadthause zu Toulouse auf dem Schaffot. Die eingezogenen Guter bes finderlofen Bergogs gingen größtentheils auf feinen Schwager Conde über, ber dafür bem Cardinal Dant und Ergebenheit zollte. Chrgeizige Anspruche, die nicht erfüllt worden, Soffnungen auf glanzende Belohnungen, verfonliche Beziehungen und Familienrudfichten hatten ben hochgeftellten Edelmann auf die Seite ber Ronigin und des Orleans geführt. In ihm wurde die gange Partei getroffen. Montmorency ertrug fein tragifches Schidfal mit großer Faffung. Die Erinnerung an das eble Gefchlecht, das ein Sahrhundert lang mit bem geschichtlichen Leben ber Languedoc verflochten mar, lebte noch lange fort im Bergen ber Bevolferung. Die Berwaltung ber Proving wurde in fichere Sande gegeben, Die Berfaffung und Besteuerung nach einem neuen Spftem eingerichtet, die Stelle eines Bouverneur bem Maricall Schomi

i

1

11

berg, dem Sieger von Castelnaudary übertragen, nach deffen baldigem Tod sie an den Sohn überging. Unter solchen Berbaltnissen konnten die Provinzialstände als historische Reliquie fortbestehen.

Richelien's Auch in andern Landschaften traten eingreifende Beranderungen in Personen und Diadtftel= lung und Instituten ins Leben. Die Probence ward dem noch immer abwesenden Guise, der erb-Thatigfeit. liche Anspruche geltend machen tonnte, für immer entriffen und dem entschloffenen Gardehauptmann Bitry übergeben, durch deffen Rugel einft d'Ancre gefallen mar; in Burgund, in Bicardie, in Calais, in Limoufin u. a. D. wurden die Couverneure und Befehlshaber gewechfelt; die niederen Bramten der Provinzen wurden unter die Aufficht ber Intendanten der Juftig geftellt, die bom Ministerium unmittelbar eingefest die wichtigften Berwaltungsgeschäfte, insbesondere bas Steuer- und Finanzwesen unter ihre Dhut nahmen. Requetenmeister durchzogen bie Brobingen und Stabte, um alle, Die für die Bartei Monfieur's und der Ronigin Mutter fic mit Sympathien bervorgewagt, durch ein rafches außerordentliches Berichtsverfahren ju bestrafen. Die Scharfrichter hatten damals viel zu thun. Selbst in die hoftreise reichte ber Arm bes Cardinals: die Herzogin von Chebreuse, die vertrauteste Chrendame der Rönigin Anna wurde nach Tours verwiefen; ihr Freund der Groffiegelbewahrer L'Aubespine de Chateauneuf, Der Best. 1633. mahrend einer Krantheit des Minifters mit ihr und der Königin von England neue Intriguen angefnüpft batte, verlor feine Stelle. Allmächtig war der Bille bes gewaltigen Mannes: nach allen Seiten mar fein Blid gerichtet, alle Lebensthätigkeiten mußten feinen Bweden bienen : wir wiffen, welche Erfolge die frangofifche Rriegspolitit in Deutschland errang; jugleich wendete er die größte Sorgfalt auf Mehrung der Marine und der Rriegsflotte, auf handel und Colonisation. Die Ansiedelungen in Canada, unter heinrich IV. begonnen, wurden durch handelsgesellschaften und Ginwanderungen erweitert der Grund ju Quebec gelegt. Und neben ben eingreifenden Reugestaltungen in ber Bermaltung, im Gerichtswefen, in ben tonigliden Regierungsorganen verlor er aud bas geiftige Leben nicht aus bem Muge. Um diefe Beit gefchah es, daß er aus einer literarifden Privatgefellicaft die frangofifde Acabemie fouf, einen oberften Berichtshof des Gefdmade, beftimmt die moderne flaffifche Literatur zu beben und die frangofifche Sprache zu corretter Ausbildung zu führen, daß er die Bochenschrift "Gazette de France" grundete, um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m Sinne der Regierung ju bilden. Bet feinem gangen Thun hatte er nur den einzigen politischen Bwed im Muge, bas monarchische Princip über jeden Ginzelwillen zu heben und Frankreichs Machtstellung nach Außen zu erhöhen. Die religiösen Motive, sonst allenthalben in erster Linie wirksam, traten bei Richellen zurud: in der Armee, in der Literatur, felbst in Staatsamtern wies er

geeignete protestantische Kräfte nicht von sich.

Ausbehnung
von fich.

Diese Tranzöss Diese Triumphe in Frankreich hatte Rickellen zum guten Theil seinen auswärtigen ichen herre Berbindungen mit den Schweden und den deutschen Protestanten zu danken; denn dasschafte durch war Spanien gehindert, der Königin und ihrem Sohne nachdrücklich die Hand zu reichen. Diese Berbindungen wurden noch folgenreicher, als Gustap Adolf dei Lüben

burch war Spanien gehindert, der Königin und ihrem Sohne nachdrücklich die Hand zu reichen. Diese Berbindungen wurden noch solgenreicher, als Gustav Adolf bei Lügen seinen Tod gefunden. Richt nur die Heilbronner Bundesverwandten auch die katholischen Fürken am Rhein richteten ihre Blicke nach Paris. Bir wissen bereits (XI, 945), daß der kriegerische gewaltthätige Erzbischof von Trier, Philipp own Stern, zugleich Bischof von Speier, mit Frankreich einen Bundesvertrag abschloß, wodurch die Bestung Chrenebreitstein in französische Hand kann. Und bald sollten noch nähere Erwerbungen ge-

Lothringen breitstein in französische hande kain. Und bald follten noch nähere Erwerbungen gebeset, macht werden. Gaston hatte sich, erbittert daß seine Berwendung für den Bundesgenossen Montmorench keinen Ersolg gehabt und besorgt, daß man seine ohne des Königs
Wissen und Billen eingegangene She mit der lothringischen Fürstentochter ansechten

wurde, abermals nach Bruffel geffüchtet, von wo aus er im Berein mit feiner Mutter neue Complotte in Frankreich anzulegen fuchte. Da beredete Richelleu den Ronig ju energifderem Borgeben und in erfter Linie ju bem Entichlus, burch Befegung bes Bergogthums Lothringen den Feuerheerd zu zertreten, bon dem alle Flammen ausgingen und ihre Rahrung erhielten. Bu bem Ende rudte ber Ronig felbft, begleitet bon bem Cardinal Muguft 1833. und dem Marichall Laforce vor Ranch und zwang den Berzog zu einer vertragsweisen Alebergabe diefer wichtigen Festung. Sie follte ihm guruderstattet werden, wenn er durch 1633. fein Betragen bewiefen haben wurde, daß Frantreich nichts mehr von ihm zu fürchten habe. Die Boffnung, bei der Gelegenheit fich auch der Bringeffin Margaretha gu bemachtigen, wurde vereitelt. Die junge grau, eben fo muthig und unternehmend, als fcon, entfloh als Reiter verkleidet durch die waldigen Landschaften von Thionville und Lugemburg und tam nad manden Gefahren und Abenteuern in Bruffel an, wo fle von ber Ronigin Mutter und ber Statthalterin Ifabella mit Gewogenheit aufgenommen ward. In Mecheln wurde darauf die Bermablung öffentlich vollzogen. - Die Befetung ber Saubtftadt und der festen Orte mar der erfte Schritt jur Einverleibung des Berzogthums Lothringen. Der ftaatsrechtliche Berband mit dem beutschen Reich machte bem Cardinal wenig Bebenten. Er fagte bem Bergog Rarl, als berfelbe biefes Berhaltniffes Ermahnung that, "die Oberhoheit bes Raifers über Lothringen fei eine alte Ufurpation gegenüber der Krone Frankreich ; der König beabsichtige feine Monarchie in ihrer urspünglichen Große wieder herzustellen". Es mochte ibm ber Gebante einer Bereinigung bes ehemaligen Auftrafien mit dem westlichen Reiche, Die Ausbehnung der Grengen bis an den Rhein vor der Seele fdmeben. In Diefem Sinne murde auf Grund eines fcon fruber gefaßten Befoluffes ein Parlament in Des inftallirt und damit die fcmachen Bande, welche die 26. Ausbrei Bisthumer noch immer mit dem beutschen Reiche verbunden hielten (X, 800 f.), bor Allem der Recurs an das Rammergericht, vollends geloft. Die Reichsabler, de bisher noch in Des angeschlagen waren, wurden durch die Lilien verdrängt.

Benn wir uns die Beltlage vergegenwartigen, welche ber Ermerbung Braniffice Ballensteins unmittelbar vorausging, was war bamals nicht einem jo klugen und Relegtunternehmenden Staatsmann wie Richelieu möglich? In Erier und Speler ein befreundeter Rurfürst; im Elfas die frangofischen Beere im Befit mehrerer Bestungen; bas Burtembergifche Mompelgard unter ber Schutherrichaft Frantreiche. Gine große Butunft hatte bas Schidfal bem Monarchen und feinem gewandten Staatsmann in ben Schoof geworfen. Dies ertannte auch ber Graf von Olivarez, ber in Madrid eben fo machtig mar, als Richelieu in Paris; er befchlos baber alle feindlichen Elemente wider ben Cardinal zu vereinigen und einen entscheidenden Schlag ju führen, felbft auf die Sefahr eines diretten Rrieges. Bruffel, wo nach dem Tobe Isabella's im Jahre 1683 der Cardinal Infant Ferdinand, Bhilipps IV. Bruder die Statthalterwürde antrat, war zum Mittelpunkt ber neuen großen Liga auserseben. Mit ber Konigin Mutter und bem Bergog von Orleans wurde ein Bundniß vereinbart, fraft beffen die fpanische Regierung bein Ral 1634. Bruder bes Ronigs zur Rudfehr in fein Baterland verhelfen und bas alte Uebergewicht wieder erlangen follte. Man rechnete auf die Mitwirkung ber jahlreichen malcontenten Großen in allen Theilen bes Landes, die bei ber geringsten Aussicht auf Erfolg gegen ben bespotischen Minister fich erflaren murben, auf ben Beiftand bes Bergogs von Lothringen, ber, um in feinen Rriegsplanen nicht

durch politische Ruckfichten gehindert zu sein, die Regierung in Lothringen an feinen Bruder, den Cardinal Frang, Bischof von Coul abgetreten und fein fammtliches Rriegsvolt in die fpanischen Riederlande geführt hatte, auf die Sympathien ber tatholischen Kürsten Deutschlands.

Ansaana Diaria's ron

Richelieu begegnete bem Sturm mit feiner gewöhnlichen Umficht und Ener-Mebicie gie. Er machte zuerst Berfuche, Die Ronigin und ben Gohn zur Rucktehr nach Frankreich zu bewegen. Bei Gaston fanden die günftigen Antrage des Ministers Bebor: um den Breis eines friedlichen Berhaltens murbe ibm abermals Berfohnung und ber Fortbefit feiner Guter und Ginfunfte zugefichert. Auf Bureben seines Bertrauten Buplaurens, ber auf bes Prinzen Saltung und Entichluffe ben größten Ginfluß übte und ben der Cardinal burch Berfprechungen auf feine Seite gebracht hatte, ging Monfieur, mit feiner Rutter und mit dem Bruffeler Sof entzweit, auf die Ausgleichungsvorschlage ein. Unter bem Borwande einer Sagd 8. Dft. 1634. entfernte er fich aus Bruffel und tehrte in fein Baterland gurud. Gein Gunftling Buplaurens erhielt den ihm versprochenen Lohn für feine Dienste : ba man aber am Barifer Hofe bem ehrgeizigen und intriganten Manne nicht traute, fo Bebr. 1836. wurde er einige Monate nachber im Schloß Bincennes in Sicherheit gebracht. Dort ift er bald barauf gestorben. Um fo ftanbhafter wies bie Ronigin Mutter alle Untrage eines Ausgleiches jurud, die nicht die völlige Restitution in ihre frühere Stellung jum Biel hatten. Da jedoch Richelieu fie nicht mehr an den Hof und in die Umgebung des Konigs laffen wollte, fie felbst aber jeden andern Aufenthalt als eine Beeintrachtigung ihrer Ehre gurudwies, fo tam es

zu teiner Berfohnung. Maria von Medicis blieb noch einige Jahre in Bruffel, wo sie mit ihren Anhangern in Frankreich und mit ihrer Tochter in London am leichtesten ben Bertehr zu unterhalten vermochte; und fo lange fie ben spanischen Intereffen durch ihren Ramen und ihre Berbindungen nuglich fein konnte, murte fie mit aller ihrem Stande gebührenden Rudficht behandelt. Mit der Beit aber ward fie dem Bruffeler Dof laftig; in Frantreich fing man an, fie zu vergeffen, fie als eine Fremde zu betrachten; in England ftorten und erschwerten die burgerlichen Unruhen und firchliche Parteiungen die Berbindung bes Sofes mit ben fatholischen, Fürsten bes Festlandes. Da hielt es Maria von Medicis für zeitgemäß, die Riederlande zu verlaffen. Rach einem turzen Aufenthalt in England. wo fie vergebliche Berfuche machte, Richelieu's Einwilligung gur Rudtehr nach Frankreich zu erhalten, nahm fie ihren Bohnfit in Roln, dem Mittelpunkte bes Katholicismus und der Hierarchie in ihrem außeren Glanze. Dort ift fie einige

Der Ralaff

Belder Contraft zwischen Anfang und Ende! Ginft als fie in voller Berrlichkeit Lucemburg. im Louvre waltete, faste fie den Entschluß auf der linten Seite der Seine ein Dentmal zu errichten, das ihren Ramen und ihre Thaten auf die Rachwelt bringen und icon in der Bauart, worin tostanifcher und frangofifcher Stil ju einem harmonifchen Sangen vereinigt ward, ein symbolischer Musbrud ihrer doppelten Rationalität sein follte. Go

3. Juli 1642. Jahre nachher verlaffen und in Dürftigkeit gestorben.

entstand der herrliche Palast Luzemburg mit seinen Pavillons, Gartenanlagen, Fontainen, wo sie durch Aubens und seinen Schüler Iordaens in farbenreichen Wandzemälden die wichtigsten Momente ihres Lebens, die Ueberwindung der den Staat bedrohenden dämonischen Rächte während ihrer Regentschaft darstellen ließ, Bildnisse und Allegorien vereinigt, eine "Epopoe ihres Lebens in prächtigen Schildereien". Für die gelungenste Darstellung gilt die Seburt Ludwigs XIII., desselben Sohnes, durch den sie in die Fremde getrieben worden. In Köln soll sie in dem nämlichen Hause gestorben sein, in welchem einst ihr Lieblingsmaler Rubens das Licht der Welt erblicht; und noch jest zeigt man in der Rheinstadt ein vergoldetes Areuz, das sie der deutschen Stadt geschentt, ein Symbol ihrer devoten Geistesrichtung, die unter allen Wechselsällen ein hervortretender Charakterzug der zweiten Rediceerin auf dem Throne Frankreichs geblieben ist.

## 3. Richelieu's Erfolge und Ausgang.

Eine Beit lang hatte es den Anschein, als ob die spanisch-österreichische Rriegsereigsache neue Triumphe erringen sollte: ein lothringischer Oberst übersiel Trier
und führte den Rurfürsten, den Schuhbefohlenen Frankreichs als Gesangenen Marz 1885.
weg; in Deutschland nahmen die Dinge durch die Schlacht bei Rördlingen eine Sept. 1884.
Bendung zu Gunsten der Raiserlichen; im Lothringen pflanzte der neue Herzog Franz, der sich trop seines geistlichen Standes mit einer erbberechtigten Berwandten vermählt hatte, die kaiserliche Fahne auf. Auch als ein französischer
Bappenkönig in Brüssel den Krieg an Spanien erklärte und Frankreich nun 19. Mai
ossen werden Belklampf eintrat, drohten noch mancherlei Bechselsälle.
Bir wissen bereits aus dem vorigen Bande (S. 981 f.), welchen Schreden vas
spanische Hervorrief. Aber es
waren vorübergehende Wolken.

Der Minister ließ es nicht an Energie und vielseitiger Thatigkeit fehlen, um die feindliche Macht ju fomachen. Dit ben Generalftaaten murbe ein Bertrag gefoloffen, Bebr. 1685. fraft beffen die flandrifden und brabantifden Provingen bon ber fpanifden Berricaft losgeriffen und gleich den hollandischen Rachbarn zu einem Rorper freier Staaten vereinigt, ober falls die Einwohner diesem Plane nicht auftimmten, awischen ben beiben Staaten getheilt werden follten. Lugemburg, Ramur, Bennegau und Flandern follten bann an Frantreich, Antwerpen, Brabant, Limburg an Bolland fallen. Lothringen wurde unter frangofifche Berwaltung genommen, bas berzogliche Bruderpaar zur Flucht genothigt, bas fpanifch-belgifche Land bon Suben durch die Frangofen, bon Rorden durch die Hollander bedrangt, den mit der spanischen Berricaft Ungufriedenen in Flandern und Brabant die Sand gereicht und Sulfe versprochen. Auch in Italien suchte Bater Joseph die gurften und Staaten ju bereden, daß fie die Gelegenheit benugen ollten, um mit Frankreichs Bulfe die fpanische herrschaft abzuschütteln und ihre Gelbfttandigfeit und Freiheit gurud ju gewinnen. Um Rhein und im fublichen Deutschland sahnte bas Bundnig mit ber fdwebifd-protestantifden Rriegsmacht ben Frangofen ben Beg zu folgenreichen Erwerbungen. Es zeigte fich jedoch bald, daß den franzöfischen Eruppen die triegerifche Erfahrung mangelte, welche fich ihre Begner in dem langjährigen Rampfe erworben hatten; in glandern und Brabant, wo die gehofften inneren Auftande nicht erfolgten, faben fic bie Beerführer jum Rudjug genothigt, ale ber Cardinal- 1686. Infant und Johann von Berth mit ihren abgeharteten fremden Rriegsmannichaften im

Felde erschienen und in die Picardie vordrangen; wir wiffen, wie bald fich nun der Schreden, ber Anfangs in Bruffel geherricht, nach Paris verbreitete (XI., 981 f.). Der Cardinal gerieth in Unruhe, benn auf seine Berfon, auf den Bundesgenoffen der Reger, hatten es die Feinde abgeschen. Aber seine energische Thatigkeit führte bald einen Umfehwung herbei. Auch zeigte es fich jest, wie fehr durch das politifche Spftem des Ministers das frangofifche Nationalgefühl gewachsen war : wahrend fraher bei fo Manchem Reigungen hervortraten, fich in conspiratorische Umtriebe zum Sturze dei verhabten Staatsmannes einzulaffen, waren jest alle Stande mit der Regierung einverftanden, die außeren und inneren Zeinde gurudzuweisen. Die Magistrate und Die hoben Rorperschaften boten ihre Mitwirtung jur Beschaffung hinzeichender Rriegsmannschaften an. In Paris wurde Marschall Laforce, ein alter Sugenot, der den Auf eines rechtschaffenen Mannes und erfahrenen Militars hatte, mit der Berthetdigung der Sauptstadt betraut. Rie war Richelieu so popular als in diesen Tagen, da er Frankreich gegen den Erbfeind unter die Baffen gerufen. Die Sympathien der Ration rubten auf ibm. Die Birtungen der patriotischen Erhebung, verbunden mit der Mugen Rriegs-Rov. politit des Ministers, anderten rasch die Lage. Indes der König selbst gegen die spanischöfterreichischen Beere ins gelb rudte, und fie jum Abjug aus der Bicardie brangte, leistete Bernhard von Beimar, Richelteu's Berbundeter, dem Berzog Rarl von Lothringen im Often bes Reiches erfolgreichen Biberftand. Go blieb Frantreich von ben Leiden und Berwüftungen verschont, wonit biefer foredliche Krieg die deutschen Lander Reue Ums beimluchte. Es zog aus jener Bollerplage nur Gewinn. Selbst ein neuer Berfuch des toniglichen Bruders, die nach Abwendung der Gefahr durch den bermehrten Abgabedrud und Aemterhandel wieder erzeugte Unzufriedenheit des Bolts und der Beamten zu benugen, um mit bulfe bes Grafen von Soiffons und einiger andern Edlen ben Cardinal ju fturgen und einen Frieden mit Spanien herbeizuführen, wurde durch die Bewandtheit und Magigung des Minifters und bes Pater Joseph im Reime erftidt. Roch einmal erhielt Monfieur Berzeihung und Bestätigung feiner Che mit Margaretha von Lothringen. Und als zur großen Freude bes Carbinals und ber gangen Ration am 5. Sep-

tember bes Jahres 1638 bem Ronig ein Sohn geboren mard, ba gerrann mit ber hoffnung auf die Thronfolge auch die Bedeutung und der Ginfluß des herzogs von Orleans. Denn nicht durch feine Berfonlichkeit, sondern durch feinen Rang war er gu der wichtigen Parteistellung emporgestiegen. Auch der Graf von Soiffons erhielt Bergeihung. Er durfte feinen Aufenthalt in Sedan nehmen, ohne im Genuß feiner Burden und Ginfunfte gehindert zu werben. Dies gab bem bochgeftellten Ebelmann, ber feinen Groll gegen Richelien niemals fahren ließ, Gelegenheit, im Bunde mit dem jungeren Bergog bon Bouillon und mit andern malcontenten Großen fort und fort neue Com-

plotte jum Sturge des Cardinals zu fcmieden. Franfreich im Bachien.

Det. - Rop.

Die Geburt bes Dauphin, ber bem königlichen Ramen Ludwig ben bochften Blang verleihen follte, bezeichnete nicht nur für das Ronigshaus, sondern für bas gefammte französische Reich eine neue Epoche; sie fiel in eine Zeitperiode, da Frankreich den ersten entscheidenden Schritt zu der vorherrschenden Machtstellung that, welche es über ein Sahrhundert in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familie behauptete. Bir tennen aus ben fruberen Blattern Diefes Bertes die Rriegsthaten. die Bernhard von Beimar, auf die Festung Breisach gestütt, am Oberrhein mu frangofischer Bulfe ausführte. Alle Früchte seiner Siege und Anstrengungen fielen durch seinen unerwarteten Tod in voller Mannesfraft den Frangosen mubelos in ben Schoof. Auf dem Sterbelager erfreute fich Pater Joseph dieses Eri-

umphes einer Politit, zu beten Belingen er fo erfolgreich mitgewirkt. Bald barauf erlangte Frankreich auch ein gebieterisches Unfeben im Gudoften, an ben Alpen und ber Meerestufte. Bictor Amabeo, Ludwigs XIII. Schwager mar im Jahre 1637 aus dem Leben gegangen, feine Bittwe Chriftine übernahm die vormundschaftliche Regierung für ben unmundigen Thronerben Rarl Emanuel II. Sie batte gern eine rubige Berrichaft geführt, unbetheiligt an ben großen Welthandeln; aber Richelien nothigte fie, Die Bolitit des Berftorbenen fortaufegen, bem Bunde mit Frantreich treu zu bleiben. Darum wurde ihr Schwager, Pring Thomas, der ihre Bormundichaft nicht anerkannte und felbft nach der Regentschaft ftrebte, von bem fpanischen Statthalter in Mailand unterftüht. Bald mar gang Piemont mit Eurin und Rigga in den Sanden bes Bringen und bes Governators; Die Bergogin suchte Gulfe in ihrem Geburtsland; in Grenoble batte fie eine Bufammentunft mit ihrem Bruder und dem Cardinal. Man wollte fie bereden, mit dem Thronerben fich nach Paris zu begeben und Savopen nebst der Feftung Montmelian den Frangofen einzuräumen. Aber die muthige Fürstin weigerte fich ftanbhaft "ben letten beiligen Unter" bes Bergogthums und damit ihre eigene und ihres Sohnes gange Butunft in andere Sande gu legen. Sie fürchtete bas Schickfal von Lothringen über ihr Band gu bringen. Budem war es Bedermann einleuchtend, daß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um ihrer eigenen Ehre und Sicherheit willen, das ob feiner Lage fo wichtige Bergogthum in Schut nehmen mußte. Bagte doch ber Mailander Covernator bereits einen Angriff auf Cafale und rubmte fich, daß er in Rurgem alles frangofifche Befen in der Salbinfel vertilgen werde. Aber auch bier nahmen bie Dinge rafch eine andere Wendung, als Richelieu den ihm befreundeten friegsfundigen Grafen Sarcourt mit ansehulichen Streitfraften in das Alpenland ichictte. Der fpanifche Gelbherr wurde vor Cafale geschlagen, Biemont guruderobert und die Regentschaft Chriftinens befestigt. 3m Robember 1640 hielt die Bergogin ihren Gingug in Turin, geehrt von dem Bolle 2002. 1640. wegen ihres ftanbhaften Muthes. Bring Thomas felbft trat auf die Geite Frank. reichs. Im Bertrauen auf die Rabe der frangöfischen Urmee vertrieb im folgenden Jahr ber Fürst Grimaldi von Monaco mit Sulfe befreiter Baleerensclaven die fpa- 1841. nische Besatung, beren Soch er seit dreißig Sahren getragen, und stellte fich unter Frankreichs Schupberrichaft. Denn ichon batten die Frangofen auch zur Cee in einer bipigen Schlacht im ligurifchen Meer, im Angeficht von Benua ben Spaniern fich überlegen gezeigt und die Gilande G. Marguerite und G. Donorat in ihre Bewalt gebracht. Die Gorgfalt, die Richelieu ber Marine zugewandt, trug bereits ihre Aruchte. Und mahrend die frangofischen Galeeren im Mittelmeer ben Spaniern die Berbindung mit Reapel und dem übrigen Stalien erschwerten, berlegte ihnen die Blotte der verbundeten Sollander den Beg nach Flaudern und fügte ihnen manchen empfindlichen Schlag zu. So war allenthalben ber Stern Frautreiche im Aufgang, während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mehr und niehr zu einem Staate zweiten Ranges berabfant. Bir werden erfahren, welche Erichütterungen

Die Rrone von Caftilien um biefelbe Beit im eigenen Lande erfuhr, als bie Catalonier ihre alten Brivilegien gegen die nivellirenden Tendengen bes Grafen von Olivarez verfochten und in Portugal die nationale Abelspartei sich gegen das spanische Regiment emporte und den Grafen von Braganza zum Ronig ausrief. Beiden Erhebungen mar Richelieu nicht fremd, fo wenig auch ber landschaftliche Barticularismus ber Catalanen ju feiner eigenen inneren Politit ftimmte. Dem Schute und Rathe ber frangofischen Regierung hatten es die beiden Ruftenlander ber uprenäischen Salbinsel zu banten, bag bas eine bauernd, bas andere borübergebend seine Unabhangigfeit von Caftilien erfampfte. Die machiavellistische Politik Richelieus feierte glanzende Triumphe. Belche Beitlage batte auch für eine absolut-monarchische Regierung in ber Band eines energischen Staatsmannes von genialem Beifte, ber feine Biele ficher ins Auge faste und verfolgte und in ber Bahl feiner Mittel nicht bedentlich mar, gunftiger fein tonnen als die Jahre bes breißigjährigen Rrieges und ber englischen Thronummalzung und bie revolutionaren Erhebungen der unterjochten Landschaften gegen ben castilianischen Absolutismus? In Schottland hatte man den alten Bund mit Frankreich nicht vergeffen. Als der Rrieg mit England ausbrach, richteten viele ichottische Ebelleute ihre Blide und Hoffnungen nach Frankreich, und Richelieu trug fo wenig Bedenken mit ben Buritanern des Inselreichs Fühlung ju unterhalten wie mit den lutherischen Fürften Deutschlands.

Conspiratos

Bahrend die frangofischen Beere auf allen Seiten ber spanisch-ofterreichischen triebe und Macht entgegentraten, in den Phrenaen bei Fuentarabia, in den Alpen, am Erhöbung Abein, in den Riederlanden, war Richelieu im Innern fort und fort bemubt, den monarchischen Absolutismus fefter zu begründen und die widerftrebenden Elemente nieberzuwerfen. Sein Regierungsspftem mar zu gewaltsam, als bag nicht in allen Schichten ber Staatsgefellichaft offene ober gebeime Biberfacher ibm batten entgegen wirfen follen. In der Normandie erzeugte der Steuerndruck, den die fortwährenden Rriege nöthig machten, ben Boltsaufftand ber "Radtfüßler", ber besonders in der Sauptstadt Rouen ungesetliche Auftritte gur Folge batte; am Hofe unterhielt die Rönigin Anna einen geheimen Briefwechsel mit ihrem Obeim, bem Carbinal-Infanten in Bruffel, und arbeitete überall bem Minister entgegen; fie übernahm gewiffermaßen die Rolle der Maria von Medicis. Selbst der Befuite Cauffin, der tonigliche Beichtvater, und zwei Sofbamen ber Ronigin, Fräulein de Hautefort und Louise von Lafapette, benen Ludwig XIII. besondere Aufmerkfamkeit zuwendete, arbeiteten an dem Sturze Richelieu's. Die berfohnlichere Gefinnung, welche einft die bon bem außeren Feinde drobende Gefahr erwedt hatte, war balb wieder gerronnen, der hohe Abel haßte in bem Minister ben Feind seiner Privilegien, die Parlamente und die gange Beamtenwelt ben Unterdruder ihrer erworbenen oder ufurpirten Rechte und Befugniffe. Aber fein energischer und umfichtiger Geift überwand jeden Biderftand. Die Riedermerfung ber Emporung gab ibm Gelegenheit, die Autoritat ber Gefege und Obrigfeiten

au erhöhen; die ehrsüchtige Rönigin, welche im Jahre 1640 ihren zweiten Sohn gebar, murbe ju ihrem großen Berbruß von ben Staatsangelegenheiten fern gehalten; ber Beichtvater mußte ben Sof verlaffen und fein Rachfolger verfprechen, fich nicht in die Politit ju mifchen; die Sautefort murbe bom Sof entfernt und die Dame Lafapette ju bem Entschluß bewogen, den Schleier zu nehmen. Die conspiratorifchen Umtriebe murben gur Bermehrung ber besonderen Berichtshofe benutt; ben Parlamenten wurde flar gemacht, bag ber Ronig fouveran und nur Sott, von beffen Gnade er feine Rrone erhalten; verantwortlich fei; feine Ebitte fonnten also nicht erft burch bie Berification ber Parlamente Gultigfeit erlangen, ihnen ftebe nur zu, diefelben auszuführen; und wie Richelieu burch die außerordentlichen Untersuchungsgerichte bas richterliche Forum jener alten Rorperichaf. ten begrengte, fo burch die Aufstellung eigener Regierungsbeamten, ber fogenannten Intendanten, beren Autorität in bem Berwaltungs. und Steuerwefen.

Den heftigsten Biberftand erfuhr aber ber Cardinal fortwährend von den Moelefac-Abelsfactionen, die ihre Bergweigungen in ben bochften Regionen hatten, oft mit bem Auslande conspirirten und ftets ju Aufruhr und Gewaltthatigkeiten bereit waren. Roch gegen bas Enbe feines Lebens und feiner Birtfamteit follte er bie gange Gefährlichkeit biefer Abelecoalition erfahren. Seit vier Jahren weilte ber Graf von Soiffons in Seban (S. 50), im Berein mit Bouillon, dem Befiger ber Stadt und bes Schloffes, gegen ben Minifter Bofes finnend. Bu ihnen gefellte fich im Sahre 1641 ein anderes erlauchtes Baupt, Beinrich von Buife, Erzbischof von Rheims und Inhaber vieler einträglichen Pfründen. Durch ben Tob bes nach Stalten ausgewanderten Bergogs Rarl und feines alteften Sohnes an die Spipe des Saufes geftellt, entfagte er bem geiftlichen Stand und bermählte nich. Aber mit Richelieu wegen Bertheilung feiner Pfrunden in 3wift geratben, jann er auf Rache. Er begab fich nach Seban, bem Beerd ber conspiratorischen Umtriebe. Bie freute man fich in Bruffel, als ein Pring von Geblut und zwei Baupter der hoben Ariftocratie Eröffnungen jum Abichluß eines Rriegsbundes machten. Man wurde bald einig. Der taiferliche General Lamboy erschien mit einer Beerabtheilung an ber Maas und rudte, mit ben Fahnlein ber Ebelleute verftartt, über die Grenzen von Champagne. Bei einem Bufammentreffen mit toniglichen Truppen auf ber Bobe von Marfée fchien fich ber Bortheil auf jene 6. Juli 1611 Seite zu wenden; als der Graf von Soiffons, tapfer in die dichten Reihen der Feinde vordringend, bon einem frangofischem Reiter im Sandgemenge erschoffen ward. Diefer Unfall benahm den Mitverschworenen den Muth; Guise mandte fich nach Bruffel, bas Parlament bon Paris fprach bas Tobesurtheil über ben Abwesenden aus; ber Bergog von Bouillon, für die Unabhangigkeit seines Territoriums beforgt, bat um Bergeihung und Frieden.

Doch ging auch jest noch feine Sinnesanderung in bein Innern bes Bergoge Berfowevor. Der Geist der Unruhe und ber revolutionaren Umtriebe war gleichsam in der Marquis v. Familie erblich. Es bauerte nicht gar lange, fo murbe in ber Umgebung bes Sofes

ein neuer Anschlag jum Sturze bes Cardinals gefaßt, bedroblicher als alle vorbergebenben und auch in diefes Complot ließ fich Bouillon bineinziehen. Es geborte gu ben politischen Runftgriffen Richelien's, ben Ronig mit Berfonen zu umgeben, Die gang bon ihm abhangig ihre Stellung in feinem Intereffe gebrauchen follten. Es war befannt, bag Ludwig XIII. fich nur mit Biberftreben bem Regimente feines Miniftere beugte, daß er oft flagte, wie ibn berfelbe gleichsam unter Bormundschaft halte. Um nun von Allem, was in der Rabe des Monarchen gesprochen und geplant ward, genau unterrichtet zu werben, hatte ber Carbinal bemfelben einen jungen Ebelmann bon gefälligem Meußern und angenehmen Manieren, den Benry b'Effiat Marquis von Cinquars jum Gefellichafter empfohlen. Bie einft Lupnes erwarb fich auch Cinquars die Gunft feines Bebieters durch die Billfahrigfeit, womit er an beffen Liebhaberei fur Jagen und Bogelftellen und andere leere Unterhaltung Theil nahm. Mit ber Gewogenheit bes Monarchen ftieg auch ber Chrgeig bes Gunftlings: es genügte ibm nicht, daß ber Ronig ihm die Burde eines Oberftallmeisters übertrug; er wollte Bergog und Bair fein, Anführer eines Beeres werden, fich mit ber Pringeffin Marie aus bem Saufe Gonzaga vermählen. Richelieu wies ihn mit feinen Unsprüchen scharf und nicht ohne Bitterfeit und Spott jurud. Darüber faßte Cinqmare einen bef. tigen Groll gegen ihn, und ba er oft genug gebort hatte, wie neibisch und eiferfüchtig Ludwig felbst bas gebieterische Auftreten feines Minifters ertrug und wie häufig er ben Bunfch ausgesprochen, von der ihm laftigen Berrichaft befreit gu fein; fo ließ er fich mit andern Feinden feines bisherigen Gonners in ein weitverzweigtes Complot ein. In den gegnerischen Rreisen fürchtete man, der berrichfüchtige Staatsmann möchte fich auch über die Lebzeiten des Rönigs hinaus das Regiment fichern, er möchte ben Monarchen, beffen garte Gesundheit und banfige Rrantheiteanfalle frete zu Beforgniffen für fein Leben Beranlaffung gaben, bereden, durch lettwillige Berfügung bie Bormunbichaft in Richelieu's Sande au legen. Dies follte auf alle Beife verhindert merden. Befonders begte Ronigin Anna, beren ftolge Seele icon langft bie untergeordnete Stellung, in Die fie nich gewiesen fab, mit leidenschaftlicher Erbitterung empfunden, die Beforgniß, daß fie auch nach dem Sinscheiden bes Gemahls nicht die ersehnte Macht erlangen möchte. Aber auch ber Bergog bon Orleans machte fich als erfter Pring von Geblut auf die fünftige Regentschaft Soffnung. Mit beiden verbunden waren einige bem Cardinal und feiner absolutiftischen Bolitit feindlich gefinnte Manuer, Die theils durch ihren Rang, theils durch ihren Berftand eine angesehene Stellung einnahmen. Der bebeutenbite barunter war Franz August be Thou, Sohn ber berühmten Geschichtschreibers, ein durch Geift, Renntuiffe und Charafter bervorragendes Mitglied der Magistratur, ber Abtommling einer Familie, in welcher fich die Gesethende und das altfrangoffiche Staatsrecht als Erbtheil und Trabition des Saufes durch mehrere Geschlechter erhalten und fortgepflangt hatte. De Thou erfreute fich des Bertrauens der Rönigin und Monfieur's und durch ihn

wurde auch Bouillon bem Complotte, bas ja nur eine Fortjegung ober ein Seitenftuck des vorigen war, angeführt. Belche Tragweite erlangten nun die conspiratorifden Blane, als ber Gunftling und Gefellichafter bes Ronigs Cinquars in ben Rreis eintrat! Die berwegenften Entwurfe tamen jur Erwägung: man fprach von der Ermordung des Ministers; es schien bei der Stimmung Ludwigs nicht unmöglich, eine Rataftrophe berbeiguführen, wie bei b' Ancre und Lubnes. Der Marquis von Fontrailles, der Freund des Oberftallmeisters begab fich in aller Stille nach Madrid, um zwischen Olivarez und Orleans einen Bundesvertrag jum Abichluß zu bringen, der den Berschworenen die Bulfe Spaniens fichern follte. Die Reise bes hofes und bes Carbinals nach bem Guben, um bem Rriegs. schauplat bei Berpignan naber zu fein, mar dem Borhaben gunftig. Der Sturg Richelieu's schien unvermeidlich; in Paris sab man ihn als sicher an. Aber es tam anders. Die Erwartung bes bevorftehenden Triumphes machte bie Berfcworenen unvorsichtig. Der Minister erhielt Runde von dem Bertrag mit Olivaren 3uni 1612. und machte bein Ronig Mittheilung. Fur die Bufage von Geld und Mannschaft hatten jene fich jur Rudgabe aller Groberungen an Spanien verpflichtet. Ludwig XIII. gerieth über das landesverratherische Treiben in Unwillen, und wie hoch auch immer Cinqmars in feiner Gunft stehen mochte, er ließ sich von dem überlegenen Beift des Cardinals bestimmen, die Sache einem Sondergericht beftebend aus Staatsrathen und Parlamentemitgliedern gur Untersuchung und Urtheilsprechung zu überweisen. Darauf wurden Singmars und be Thou, Die einzigen, beren man habhaft werben tonnte in Saft genommen und burd, ein unregelmäßiges Juftigverfahren gum Tobe verurtheilt. Beibe vertheibigten sich mit großem Muthe und stellten jede verratherische Berbindung in Abrede. Aber Richelieu wollte ihren Untergang, und fo ftarben beide hochgeftellte Manner in 12. Erpt Luon durch die Band des Scharfrichters tief betrauert von bem Bolfe, der eine wegen feiner Jugend und liebenswürdigen Sitten, ber andere wegen feines moralifch ftrengen rechtschaffenen Charafters und feiner ftandhaften Saltung.

Gerne batte der Cardinal auch Bouillon in die Antlage verflochten, aber es ftand gu befürchten, bag bann Seban ben Spaniern in die Bande geliefert wurde. So lief man fich benn auf einen Bertrag ein, in welchem ber Bergog als Preis fur fein Leben und feine Freiheit die fefte Grengstadt Sedan gegen Entschädigung an Frankreich abtrat. Der Bergog von Orleans entfloh nach Savoben und mußte eine nochmalige Bergeibung mit dem Bergicht feiner Unfpruche auf alle Rechte und amtliche Stellungen, wogu er durch Rang und Geburt fich fur berechtigt halten mochte, ertaufen. Benbome und fein Sohn, Graf Beaufort, fucten Buffuct bei ihrer Bermandten, ber Ronigin von England.

Dies geschah zu einer Beit, ba Richelien, an allen Gliedmaßen gelähnit, Bidelleu's fich in einer Sanfte von Ort zu Ort tragen laffen und ben Besuch des gleichfalls 1842. franken Ronigs, ber ihm mit Thranen ber Reue feine Theilnahme aber ben Borfall bezeugte, im Bette entgegennehmen mußte. Leibend und bem Tobe nahe wurde er von Rarbonne nach Paris gebracht, wo er am 4. December besfelben Sahres farb, nachdem er noch Unordnung für ben koniglichen haushalt

getroffen und seinem Berrn in einer perfonlichen Busammentunft ben Cardinal Magarin, ber feit Jahren zu feinen Bertrauten gehörte und feine Bolitit theilte, jum Borfigenden bes geheimen Raths empfohlen hatte. "Da ift ein großer Bolititer geftorben", fagte Ludwig XIII., als man ihm die Rachricht von bem Tobe bes Ministers brachte, ohne babei eine personliche Gemutheerregung fund zu geben.

Richelten's Charafter

Ņ .

Als der Geiftliche den sterbenden Cardinal aufforderte, seinen Feinden zu ार्काक verzeihen, gab er zur Antwort: 3d habe nie andere Feinde gehabt, als die lung. Feinde des Staats und des Königs. Und in der That hatte Richelien von Anfang feines politischen Lebens feine eigene Berfon mit bem öffentlichen Befen und mit bem Konigthum in die innigste Berbindung gebracht. Auch wo er feine perfonlichen Intereffen forberte, hatte er ftete bas hauptziel feiner Bolitit: Erhebung der Monarchie über jeden befondern Billen und Ausbreitung der Autoritat Frankreichs über Europa im Auge. Sein Auftreten mar nicht frei bon Oftentation, er liebte es, sich in feiner Macht zu zeigen : im Besite der hochften Staatsamter, geschmudt mit bem Burpur eines Burbentragers ber Rirche, umgab er fich mit einem Rimbus, ber fein bobes Gelbftgefühl ankundigte; er fprach den Rang vor den Prinzen von Geblüt an; wenn er in den Staatsrath oder an den Sof fich begab, war er von einer aus ber aristofratischen Jugend gebildeten Chrengarbe begleitet, die feine Sanfte trugen, fein Befolge bilbeten; in Ruel, wo er fich einen weitläufigen Balaft mit Bartanlagen, Garten und Bafferfunften erbaut, hielt er einen hof, der ben des Ronigs in Schatten stellte; dort empfing er fremde Gefandte, bort borte er die Bortrage feiner Untergebenen an, bort ertheilte er ben Schaaren von Supplicanten Audieng, die ihre Anliegen in bemuthiger Baltung vorbrachten. Seine Dienerschaft, seine Mablzeiten, fein Marftall, seine mit Runstwerken ausgestatteten Bohnzimmer, seine reichgefomudte Schloftapelle, wo die geschicktesten Mufiter und Sanger fich boren ließen, Alles verrieth ben vornehmen hochgestellten und reichen Mann, ber bie Geschicke ber Ration und bes Staats in feiner Band hielt. Auch in ber Bauptftabt hatte er mehrere große Palafte. Der ansehnlichfte berfelben, bas "Balais bu Cardinal" ging nach feiner Bestimmung bei seinem Tode an die Rrone über und führte seitbem ben Ramen "Balais Royal". Für Biffenschaft und Runft, besonders für die dramatische Boefie zeigte er stets großes Interesse; er liebte die Unterhaltung geistreicher und gebildeter Manner; seine Bibliothet, für beren Erhaltung und Bermehrung er ein Legat aussette, war zu bestimmten Tages. ftunden ben Gelehrten und Literaten geöffnet. Doch lag bei biefem anspruchs. vollen Auftreten nicht blos Gelbstfucht, nicht perfonliche Soffahrt ju Grunde; er wollte zugleich der Macht und Autorität Frankreichs einen imponirenden Ausbrud geben, bem Ronigshofe im Loubre, für beffen Glanz und Prachtentfaltung Ludwig XIII. nicht in wurdiger Beise zu forgen verstand, ergangend gur Seite treten. Auch in ber Berforgung und Erhebung feiner Berwandten hatte er neben

ben Familienrudfichten politische 3mede im Auge: er wollte guverläffige und ergebene Leute in einflugreiche Stellungen bringen. So feste er ben Marquis de Pontcourley, ben Sohn seiner altesten Schwester, beffen Rinder ben Ramen Richelieu fortgepflangt baben, an die Spipe ber Rriegsmarine; ber Gemabl seiner jungeren Schwester, Marquis be Breze, mar Marschall in ber Landarmee und wurde als Bicetonig nach Barcelona geschickt, als bie Catalonier fich unter Frankreichs Schutherrichaft ftellten; eine Tochter beffelben verbeirathete ber Cardinal mit dem Sohne des Bringen von Conde, dem Bergog von Enghien, in der Folge berühmt als der "große Conde"; auch Fronsac, der Sohn des Marichalls erwarb fich balb eine bervorragende Stellung. Der Bergog von Meillerage, Brudersfohn von Richelieu's Mutter, mar Großmeister ber Artillerie und Befehlshaber von Berpignan, ein anderer Better, Cafar be Cambout war Oberft der Schweizergarde und Schwager jenes Harcourt, der in Italien fich so febr bervorgethan hat. Reben feinen Berwandten gablte Richelieu feine talent. vollsten und ergebenften Diener unter ber Geiftlichkeit: von dem Bater Joseph ift icon oftere bie Rebe gewesen; man weiß nicht foll man mehr bie Fruchtbarteit feines Talentes in der Entbedung von Auswegen, in der Schaffung von Bulfemitteln, in ber Losung berwidelter Berhaltniffe bewundern, ober die rudnichtslofe Durchführung ber Cutwurfe, bas unbedenkliche Ergreifen aller Mittel und Bege, die ihm zweddienlich ichienen. Auf Riemand tounte ber Carbinal ficherer bauen als auf ben Diplomaten im Monchsgewande. In Rom war man gegen ben machtigen Staatsmann mitunter mißtrauisch und gurudhaltenb : benn obwohl bem geiftlichen Stande angehörig und als Cardinal zu den bochften Burbentragern ber Sierarchie gablend, bat er boch ben frangofischen Staat bober geftellt als die Intereffen der Curie, bat er durch fein schonendes Berfahren gegen bie Sugenotten, burch feine Berbindungen mit ben atatholischen Fürften und heerführern ben fleritalen Giferern manches Mergerniß gegeben, bat er burch feine Bertheidigung ber gallicanischen Rirche, burch bie Aufrechthaltung ber alten Rechtsftellung Frankreichs gegenüber ben Ansprüchen bes Pontificats und ber ultramontanen Borfechter papftlicher Beltherrichaft und Allgewalt fich viele Begner im priefterlichen Beerlager gemacht. Es geschah auf feine Unregung, bag bie Sorbonne die jesuitischen Doctrinen von der unbegrenzten Obmacht bes firchlichen Dberhauptes über alle weltlichen Berricher gurudwies. Darum tonnte er auch in Rom nicht die Erneunung zum Legaten des papstlichen Stubles für Frankreich erlangen, nach ber ihn fo febr geluftete. Eine folche Bereinigung ber bochften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Dacht mare gang nach feinem Ginn gewesen; fie batte ihm Gelegenheit zur Errichtung eines frangofischen "Batriarchats" geben tonnen, wodurch auch bas firchliche Frankreich eine felbftandige Stellung erhalten hatte, mehr unter die Berrichaft ber Rrone gekommen mare. Denn oft genug hatte er ben geiftlichen Berren zu verfteben gegeben, bag fie ihre Guter und Gintunfte vom Staat besagen, daß fie verpflichtet seien, ben Bedurfniffen bes Ronigs nicht nur

burch Gebete, fondern auch durch materielle Bulfeleiftung entgegenzukommen, oft genug hatten fie mit Seufgen und Protesten die Gelbforderungen bewilligen muffen, die er ihnen ansann. Die ftrengkirchliche Partei war fo wenig mit ber Berangiehung bes Alerus zu ben 3meden bes Staats als mit ber religios-confestionellen Baltung bes geiftlichen Staatsministers zufrieden und bewirkte ihm manche Burudweisung im Batican. Allein bennoch mußte er fich auch in Rom eine einflugreiche Partei zu verschaffen, welche die Interessen Frankreichs gegenüber ben spanisch - österreichischen Tenbengen vertrat. Un ihrer Spipe ftand ber jungere Repote Urbans VIII., Antonio Barberini, wahrend fein alterer Bruder Bu Spanien neigte. Diefer frangofischen Partei in Rom gehorte ber Carbinal Julius Mazarin an, der dem frangofischen Cabinet zuerft mahrend der italienischen Rriege durch geschickte Unterhandlungen und biplomatische Bezmittelungen wesentliche Dienste geleistet hatte und bann von Richelieu in den geheimen Rath gezogen worden war, wo er neben bem Cangler Seguier und bem Staatsfecretar Chavigny fich bes bochften Bertrauens feines Gonners erfreute und beinfelben fich stets eben fo nüglich als treu und ergeben bewies. Geboren im Sahre 1602 gu Biscina in ben Abruggen ftand er bei dem Tobe Richelieus im besten Mannes. alter. Im Dienste eines Ronigs, ber fich fast willenlos bem hoberen Beifte feines Miniftere beugte und wenn auch öftere mit innerer Abneigung, Alles that, was berfelbe vorschlug, umgeben und unterftut von zuverläsigen begabten Staats, mannern und Beerführern, die bon ihm ihre Beisungen und Directiven empfingen und mit Umficht und Confequeng gur Ausführung brachten, bat Richelieu, begunftigt burch die Beitlage ber Bourbonichen Monarchie ihre innere Festigfeit und außere Beltstellung gegeben, auf welchen Ludwigs XIII. Gobn feinen abfoluten Königsthron aufrichtete. Die mittelalterliche Monarchie Frankreichs ruhte auf constitutiven Gewalten, welche die Lebensfunctionen der Rrone in engen Schranten hielten und einer fraftigen Machtentfaltung bemmend im Bege ftanden : bas particulare und corporative Intereffe überwog darin bas nationale, fo in den ftanbischen Bersammlungen, so bei ber feudalen Abelsgemeinde, so bei ber Dagiftratur, ober "Ariftotratie ber Robe", fo bei ber Union ber Reformirten, fo bei ben gelehrten Rorperschaften. Diefe burch alte Gesethe und Rechteinstitute geord. neten Sondergewalten hat Richelieu zu brechen ober zu fcmachen und bas Ronigthum jum Eräger ber nationalen Ibee ju erheben gefucht. Go fanden die General. ftande, die als Gesammtvertreter ber Ration gelten wollten und mit ber Rrone bas Borrecht ber Souveranetat ansprachen, im Staatsleben feine Berivenbung mehr; die Provinzialstände, jo weit man fie fortbesteben ließ, wurden auf gering. fügige Angelegenheiten örtlicher oder landschaftlicher Natur beschränkt und nur in beftimmten Fallen zu Rathe gezogen; die Rotablenverfammlungen, ein Erfas für bie Reichsstände, wurden durch Berftartung bes burgerlichen Elements ihres scharfen oppositionellen Charafters gegenüber ber Regierung entfleibet. Aber je seltener die Ration in die Lage tam, bei ben öffentlichen Dingen mitzuwirken,

besto stärker traten bie andern Factoren der monarchischen Berfaffung, die fich gleichfalls auf angeborne Rechte und alte Brivilegien berufen tonnten, ber Abelftand und die Magiftratur in Gegenfat zu der foniglichen Allgewalt. Richelieu wußte jeboch auch biefen Machten Schranken zu fegen : bie großen Abelshäupter, welche als Gouverneure die einzelnen Provinzen fast mit königlicher Machtvolltommenbeit verwalteten und manchmal vergagen, daß fie nur eine übertragene Gewalt auszuüben hatten, wurden baburch in gewiffen Schranten gehalten, bas bie Regierung die festen Blate ihrer Autorität entzog und unter eigene Befehls. baber mit Befatungsmannschaften ftellte, bamit aber eine Rivalität fcuf, die ein gemeinsames Sandeln fehr erschwerte. Und tam es bennoch zu Coalitionen unter ben Magnaten, fo war der Minister start genug, die Complotte zu vereiteln und die ichulbigen Baupter, fofern fie nicht burch ihren Rang fur die Strafgesete unerreichbar maren, burch Ausnahmsgerichte verurtheilen zu laffen. Es ift uns befannt, daß Marillac, Mortmorency, de Thou, Cingmars u. a. mit unbarmbergiger Strenge bem Schaffot übergeben murben. Diese Ausnahmsgerichte maren gugleich eine schneibige Baffe gegen bie "Ariftofratie ber Robe". Das Parifer Parlament, bas an der Spipe ber gesammten rechtstundigen Beamtenhierarchie ftand, erblidte in ber Aufstellnug von befonderen richterlichen Commiffionen einen Eingriff in feine eigenen Gerechtsame, eine Berminderung seiner Amtsbefugnisse, eine Herab. setung der Stellen, welche die Rathe um hohe Summen erworben und mittelft einer jahrlichen Abgabe, Baulette genannt, ihren Familien als erbliches Befitthum hinterließen; allein wie febr fie gegen die Gingriffe in ihre wichtigften Rechte proteftirten, fie mußten nicht nur die Schmalerung ihres Gerichtsforums erdulben, die wichtigsten Falle der Criminaliustig fich entreißen laffen; es wurde ihnen auch bebeutet, daß bie gesammte Magistratur nur ein Organ ber Regierung, nur ein Ausfluß ber königlichen Autorität fei, daß Ebitte und Berordnungen, bie im Ramen bes Ronigs erlaffen wurden, nicht erft ber Berification ber Parlamente ju ihrer Gultigteit bedürften, bag bie Beigerung, folche Berfugungen und Erlaffe, die fie fur nachtheilig ober ben bestehenden Rechten fur zu nabe tretend bielten, in ihre Gesehedregister einzutragen und baburch ihre Bollziehung zu gestatten, eine usurpirte Machtbefugniß fei. In einer feierlichen Sipung in Begenwart bes Ronigs (lit de justice), wo altem hertommen gemäß jeder Biderspruch verstummen mußte, wurde das Cbitt eingetragen, fraft bessen den Barlamenten jede politifche Berechtigung abgesprochen und die Befugnif ber Giniprache und ber Borftellungen gegen tonigliche Erlaffe in die engften Grenzen eingefoloffen war. Gine gleiche Berminderung der Amterechte erfuhren die Steuerund Berwaltungsbehörden, die als Sadelmeister (Treforiers) und Erwählte (Elus) unter ber Controle bes Oberrechnungshafes in ben Provinzen und Stabten bie Steuern und Abgaben erhoben und verwalteten. Auch diese ausgedehnte Beamienwelt, die gleichfalls ihre Stellen als ertauftes Erbaut befaß, murde durch Austellung von Regierungsbeamten, Intendanten, in ihrem bisherigen Berufs.

freise eingeschränkt. Diese ohne Geldzahlung von der Regierung ernannten Generalintendanten waren gang vom Ministerium abhängig und bienten ben abfolutiftischen und dictatorischen Tendenzen des Cardinals als willige Bertzeuge. Es fummerte ihn nicht viel, daß die Taufende von Familien des boberen Burgerftandes, welche diese Stellen erworben hatten, daß Tausende von Andern, die mit ihnen aufammenhingen, über diefe Berminderung ihres Bermogensftandes grollten; er wollte diefe "Aristofratie der Robe", diese in das sociale Leben tief eingreifende Beamtenhierarchie in abnlicher Beife durchbrechen und ber monarch. ischen Autorität dienstbar machen wie er den Herrenstand, die Aristokratie bes Schwertes unter die Botmäßigkeit bes Staats, in ben Gehorfam ber Gefete gu beugen suchte. Der Migbrauch, welchen beibe Stande von ihrer Stellung machten erleichterte fein aggreffives Borgeben und rechtfertigte manche Billführhand. lung und Gewaltthat. "Richelieu machte aus allen bofen Bestrebungen und Thorheiten ber Parteien in Frankreich, aus ber Schwäche bes beutschen Reichs und ber Unfähigfeit Spaniens gleichsam ein Capital, bas er zu ben 3meden ber toniglichen Unumschränktheit gebrauchte. Er war ein Absolutist ganz nach Machiavelli's Sinn, deffen perfonliche Leidenschaften fich mit benen für das Staatsintereffe verschmolzen, dem man seine grausame Barte verzieh, weil er dem Staate nach Außen eine nie beseffene Dacht gab, deffen Bestrebungen, wie fie bem Staate förberlich und in rudfichtelofer Confequeng verfolgt wurden, von ftete treuem Glud begleitet maren." Seine Bermaltung mar eine revolutionare Uebergangsperiode aus der mittelalterigen Feudalherrschaft, zum ropalistischen Absolutismus. Auch auf dem geistigen Gebiete trat Richelieu als Gesetzgeber auf: aber hier machte er bald die Erfahrung, daß im Reiche der Biffenschaft und der Runft der Despotismus weniger vermag als in ber Politit. Beter Corneille wollte feine tragifche Mufe nicht unter die Gefete bes Runftgeschmads beugen, welche die unter ber Aegibe bes Cardinals errichtete Atabemie aufftellte, und die Stimme ber Ration, sonft überall ftumm, war in diesem Gebiete nicht auf der Seite bes Staatsministers und seiner tunftrichterlichen Rörperschaft. Doch hat fein Interesse für Sprache und Bildung und insbesondere für bramatische Boefie und Theater das klassische Zeitalter Ludwigs XIV. angebahnt. Auch ließen es, wie wir gesehen haben (X., 707 f.), die Dichter ber Beit nicht an Hulbigungen fehlen.

## III. Die Alegentschaft der Königin Anna und Ludwigs XIV. Anfänge.

- 1. Anna von Desterreich und der Minister Mazarin.
- a. Rampf ber conftitutiven Gewalten gegen bie Ronigsmacht.

Leste Regies Tungszeit und von Bonig und Bolt, aber bewundert von Mits und Rachwelt, die Geißel der Lestament.

Großen, der Unterdrücker aller Bevorrechteten. Ganz Frankreich athinete auf,

benn man erwartete, Ludwig XIII. murbe nun feinen Beinamen "ber Gerechte" badurch bemabren, bag er bas Regierungsspstem anbere und ben Berfolgten seine Gnade zuwende. Allein Richelieus Geift hielt ben Monarchen auch jest noch wie mit Bauberbanden gefeffelt: dieselben Manner blieben im Ministerrath, an Die Stelle bes Berftorbenen trat ber Erbe feiner Politit und feiner Grundfage -Razarin. Rur in fo weit gab fich eine Milberung tund, bag ben Flüchtigen und Berbannten die Rudtehr gestattet, den Gefangenen die Thore der Baftille geöffnet wurden. Bendome und Beaufort, die Berwandten bes toniglichen Saufes betraten wieder den beimathlichen Boden, die Marichalle Bitty und Baffompierre durften Die Rerterraume verlaffen. Die gunehmende Schwache bes Ronigs ließ jedoch eine bedeutendere Beränderung in Bälde voraussehen. Daher mußte man Borforge treffen, wie es nach bem hinscheiden Ludwigs XIII. mabrend einer minderjährigen Regierung gehalten werben follte. Richelien hatte bereits einen Entwurf gemacht. Danach follte Gafton von Orleans ber Regentschaft gang ferne bleiben, die Ronigin Unna gugelaffen aber gugleich gur Beibehaltung bes bisherigen politischen Spftems genothigt werben. Dieser Entwurf erfuhr auf Magarins Rath einige Milberung. Die Königin follte ben Titel einer Regentin führen, und auch der Herzog von Orleans als Generalstatthalter in die feinem Range gebührende Stelle eingeset werden; aber damit die Regierung in bem bisherigen Sange fortgeführt wurde, follte ein Regentichafterath unter dem Borfit von Mazarin die Leitung der öffentlichen Dinge in die Hand nehmen und die Ronigin fich verpflichten, ohne beffen Beirath und Buftimmung nichts von Belang zu unternehmen. Reben Mazarin follten barin ber Rangler Seguier, Chavigny und fein Bater, fowie die Pringen pon Geblut, Orleans und Condé Sit und Stimme erhalten. Diefe Anordnung wurde in einer Declaration gusammen geftellt, in Gegenwart bes Ronigs von allen Anwesenden unterzeichnet 19. April und beschworen und von dem Parlamente verificirt. Es war jedoch vorher zu feben, daß eine Bestimmung, wodurch Richelieu's Geift auch noch über bas Grab hinaus Frankreich regieren follte, manche Anfechung erleiben wurde. Die Rönigin legte bei einem Rotar Brotest ein wiber eine Unterschrift, ju ber fie fich aus Gehorfam gegen ben König habe zwingen laffen. Schon jest war die Unficherheit fo groß, daß Anna es für nöthig erachtete, ihre Rinder unter die Obhut des Bergogs von Beaufort zu stellen. Aber taum hatten die Parteien Beit gefunden, ihre Streitkräfte zu sammeln, als der Tod des Monarchen fie auf den Rampfplay rief.

Am 14. Mai 1643 starb Ludwig XIII., ein Fürst ohne hervorleuchtende Tob und Ebgerafter Tugenden und ohne große Laster, nicht ohne Gute des Herzens, aber abhängig von des Konigs. Bedem, der fich seine Liebe und sein Bertrauen zu erwerben oder fich ihm furchtbar zu machen wußte, ein Spielball in Richelieu's Hand, aus deffen Berrschaft er nicht den Muth und nicht die Kraft hatte fich emporzuringen, unempfänglich für jede große Leibenschaft und voll Mißtrauens gegen Sedermann. Der Sohn eines

traftvollen ritterlichen Baters und einer ftolgen prachtliebenden Mutter befaß er boch teine von biefen Eigenschaften. Bie fehr contrastirte ber melancholische Bang feines Befens mit der lebensfroben Ratur Beinrichs IV., bas bescheidene fast ärmliche Jagdichloß in Berfailles mit bem Brachtbau bes Luremburg. In bem fdmadlichen oft bon Rrantheiten beimgefuchten Rorper und in bem fast fouchternen und jaghaften Auftreten tonnte man teine jum Berrichen geschaffene Berfonlichkeit gewahren, und wenn seine Reigung für die Jagd und das Militarwefen eine mannliche Anlage zu beurtunden schien, so war er dagegen in allen wichtigen Staatshandlungen ohne eigenen Billen, der Berfundiger und Bollitreder fremder Eingebungen. Es fiel ibm fcwer, in toniglichen Situngen die Parlamentsrathe zur Eintragung von Ebilten zu zwingen. Er ftotterte wenn er zu sprechen anfing und murbe einst bei einem Lit de Juftice, wobei es fich um eine wichtige prinzipielle Frage handelte, vom Fieber ergriffen. Bon der Bracht und Berrlichkeit, durch welche der Parifer Bof vorher und fpater fo glanzend bervorragte, war unter Ludwig XIII. teine Spur. Seine Bohngimmer und Dablgeiten waren ohne allen Luxus; fein Marstall dürftig, fein Jagdichloß unscheinbar. Richt blos in der Machtentfaltung, auch in fürftlicher Sofhaltung überftrablte ber Minister ben Ronig. Noch von einer andern Seite bildete ber Hof au Ludwigs XIII. Beiten eine Ausnahme: von den sittlichen Ausschweifungen und der lagen Moral, die vor und nach ihm im Louvre herrschend waren, hielt fich biefer Ronig frei. Benn er bie und ba einer Sofdame einiges Bohlgefallen erwies, fo war es unschuldig. Er befang wohl die fcone Sautefort in Liebeselegien, aber im verfonlichen Umgang wußte er fie nur von Sunden, Bogeln und ber Jago" zu unterhalten. Die Buneigung zu Mademoiselle be-Lafapette hatte nur die Birtung, bie religiofe Andacht und Devotion, wofür beiber Bemuth fo empfänglich war, ju ftarten. Der Staatsfecretar bes Ropers ftieg barum fo boch in des Ronigs Gunft, weil er deffen Borliebe für geiftliche llebungen theilte. Defters schlossen fie fich mit einander ein, um das Breviarium abzubeten, und man hörte fie gange Stunden lang ausammen pfalmodiren. Als er unter den Ebelleuten, die fein Sterbelager umftanden den Marfchall von Chatillon, einen Entel Colique's bemertte, befahl er ibm das Bimmer zu verlaffen, damit nicht bie Gegenwart eines Sugenotten feine Seligkeit gefährbe.

Anna zur Regentin ers

na jur So lange der König lebte, wurde die Regierung nach der letiwilligen Antin ers
flart. ordnung geführt. Aber Anna, die Tochter des angesehensten Herrscherhauses
Europa's, die Schwester Philipps IV. von Spanien war keineswegs gemeint,
sich mit einer geringeren Stellung zu begnügen, als die beiden Mediceerinnen
behauptet hatten, die doch au Geburt weit nachgestanden. Sie kam daher unter
der Hand mit Orleans und Condé und mit einigen Parlamentsräthen überein,
daß die vormundschaftliche Regierung nach den herkönnnlichen Rechten und Gebräuchen eingerichtet werde. Die Prinzen willigten ein, daß die Königin im
Ravien ihres Sohnes die absolute und unbeschränkte Administration der Geschäste

und den Borfit im Regentichafterath führe und daß fic felbst und alle Glieber bes Confeils unter ber Autoritat Anna's fteben follten. In Diefem Ginne murbe in einem Lit be Juftice bas neue Grundgeset bom Parlamente eingetragen. Mit 18. Mai Freuden gaben die Manner von ber Robe ihre Bestätigung ju einem Afte, ber mit den alten Gewohnheiten übereinstimmte und in dem sie den ersten Schritt gur Reftauration ihrer eigenen erschütterten Rechtoftellung erblickten. Alles erwartete bon ber Ronigin, die Richelieu fo unwurdig behandelt, die er von allem Ginfluß auf die Regierung fern gehalten, die er mit Rundschaftern umgeben, beren Briefe und Befprache er ausgespaht batte, einen Umschwung ber bisberigen Politit und Regierungsweise, eine Beranberung in ben Berfonlichkeiten, Die am Sof und im Confeil den Ton angaben, ein aus den Feinden und Biderfachern des verftorbenen Cardinals zusammengesettes Regiment. Die Ronigin Unna mit ben großen ausdrudsvollen Augen aud dem reichen braunen Saare, die ihr Bohlwolleu auf fo huldvolle Beife tund gab, die burch weibliche Anmuth, feine Sitte und eble Tugend in ben gebilbeten beiteren Besellschaftstreifen glangte, welche fie um fich ju verfammeln liebte, war bisher der Stern gewesen, auf den die Blide der hohen Ariftotratie fich gerichtet batten : von ihr hoffte der Abel, hoffte die Magistratur, bofften alle Privilegirten ihre gerronnene Dacht, ihre gebrochene Autorität gurud zu erbalten.

Und in der That ließen fich Anfangs die Dinge fo an, als ob mit den Die Impor-Leichen Richelieu's und des Konigs das bisherige Spftem in die Erde gefentt, bere Gegner Richelieu's. die bisherigen Leiter der Politit und ber Regierung bom Schauplag verschwinden wurden. Chavigny, ber als das haupt ber "Cardinalisten", als ber eigentliche Trager bes Spftems galt, murbe mit einigen seiner unbedingten Unhanger aus bem Cabinet entlaffen; die Berfolgten und Berbannten, por Allen die Bergogin von Chevreuse, die erklärteste Feindin Richelieu's, Bendome mit seinen Gohnen, die Freunde des Orleans und so manche andere, wurden am hofe freundlich empfangen; Beaufort, der die Bache im Schloß und über die tonigliche Familie hatte, galt als der kunftige Gunftling Annas; an ihn schloß fich der junge Abel an, um durch feine Protection in die Sobe ju tommen, man bezeichnete fie bereits als die "Bichtigen", (Importans); die Rlexifalen und alle Freunde Spaniens erwarteten, daß jogleich Friede geschloffen, ber alte Bund erneuert werde; follte denn die Ronigin gegen das Sabsburgische Saus, dem fie felbst durch ihre Geburt angehörte, noch ferner die Baffen führen? 3hr Almofenpfleger Augustin Potier, Bifchof von Beauvais, der Kuhrer der fleritalen Opposition gegen ben verftorbenen Minister, machte fich Soffnung auf deffen Stelle. Alle, die burch Richelieu ju Schaben gefommen, in ihren Ginfunften, Stellen und Rechten verfürzt worden, erwarteten Restauration und Entschädigungen; Bendome forderte Bretagne, Epernon das Gouvernement von Gugenne, Bouillon feine Hauptstadt Seban gurud. Man muffe bem brudenden Kinangipftein ein Ende machen, borte man fagen, "man muffe die Schwämme auspreffen, die fich von bem Marte

bes Boltes vollgesogen". Die Erben bes Cardinals beforgten, man mochte fich an beffen Rachlaß, ber auf achtzig Millionen geschätt ward, vergreifen und bachten bereits auf Mittel ber Bertheidigung.

Majarin jum Minifter

Auch Mazarin erwartete in Ungnade entlaffen zu werben; wendete boch die erhoben. Herzogin bon Chebreuse, die Meisterin in der politischen Intrique, die Gonnerin der Importans, ihre Pfeile auch gegen ihn; er ging bereits mit dem Gedanten um, fich nach Rom zurudzuziehen. Aber die Konigin bestätigte ihn in feiner Stellung an ber Spipe bes geheimen Rathe und wendete ihm ihr ganges Bertrauen gu. Anna batte ihre Sympathien fur Spanien binter fich gelaffen, fie fühlte und handelte nur als frangofische Ronigin, als Mutter Ludwigs XIV.; fie war nicht gewillt, die Schranken ber Ronigsmacht, welche Richelieu niebergeriffen, wieder aufzurichten, die Beit ber Feudalität und ber ftanbifchen Unbotmäßigkeit jurudjuführen, ihr neues Baterland in die Stellung eines Satelliten ber spanisch - öfterreichischen Monarchie berabzudruden. Und da glaubte fie in bem lebenstlugen, geschmeibigen und ehrgeizigen Staliener, ber allein in bem Labbrinthe ber allgemeinen europäischen Geschäfte ben leitenden Raben zu befiten fcien, ben rechten Mann gefunden ju haben. Eingeweiht in Richelieu's Grundfage und politisches Spftem, burch seine auslandische Bertunft ben einheimischen Familienverbindungen und ihren ehrfüchtigen Rivalitäten entfrembet, war der geistliche Diplomat und Staatsmann ganz geschaffen, in bem Geifte des Borgangers bas Regiment fortzuführen, nur in iconenderen Formen und mit voller hingebung an den Dienst seiner Gonnerin. So vereinigten fich zwei durch Geburt und Abstammung der frangofischen Ration nicht angehörige Berfonlichkeiten zu einer Regierungsweife, die ausschließlich die Größe und Machtstellung Frankreichs und seines Rönigs im Auge hatte und dieses patriotische Biel mit ungebeugter Folgerichtigkeit durchführte, ohne fich durch die Stürme und Rlippen, bie von allen Seiten das Staatsschiff bedrohten, von dem Bege ablenten ju laffen. "Das ift ohnehin die Regel, daß Fremde die Intereffen bes Landes, bem fie fich angeschloffen haben, mit noch größerem Gifer verfechten als felbst die Gingebornen, die ihre Ergebenheit nicht zu beweisen brauchen". Es war ein gunftiges Geschick für bas neue Regiment, daß in den Tagen, da Ludwig XIII. aus bem Leben ichieb, ber Duc d'Enghien, der Gemahl einer Richte Richelieu's ben

glorreichen Sieg von Rocrop davon trug und einige Monate nach der Schlacht, in welcher ber spanische Kelbherr Lafuente in der Mitte seiner Rrieger das Baf-

fenfeld bedte, die feste Grengstadt Thionville eroberte (XI, 1001). Für den Feldherrn, den man bald als den "großen Conde" bezeichnete, wie für die Rönigin und ihren Minister mar biefes Ereignig ein Sporn, in ber auswärtigen und

inneren Politit die bisherigen Bege weiter zu verfolgen.

Die Gegner Mazarine

Magarin ließ es nicht an Bersuchen fehlen, die einflugreichsten Gegner gu verföhnen: aber ba perfonli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Leidenschaften fich mit den politischen Intereffen vereinigten, ba alle Feinde des neuen Spftems zu einer feff-

geschloffenen Phalang verbunden waren, die ihr Biel nur in bem Sturze des Ministeriums erblidten, fo war ein entscheidender Bruch unbermeiblich: Bie fcwer es ber Ronigin fiel, ihre alten Freunde, die für fie geftritten und gelitten, fallen zu laffen, die Staatsraifon fiegte über die Sympathien des Bergens: Die Bergogin von Chebreufe mußte Baris verlaffen und flüchtete fich nach England. Beaufort, ber blondgelockte Liebling ber Damen, ber bem Cardinal nach bem Leben trachtete, wurde nach Bincennes in Saft gebracht, fein Bruder und fein Bater manderten abermals in die Berbannung, ber Bifchof von Beauvais und ber Herzog von Guise wurden aus ber Hauptstadt verwiesen. Richelieu mar todt, Sept. 1643. aber fein Beift berrichte von Neuem im Louvre. Als die Ronigin einige Beit nachher durch die Raume des Schloffes von Ruel ging, blieb fie vor dem Bildniß des Carbinals fleben und betrachtete es lange mit ernftem Schweigen; bann fagte fie: "wenn biefer Mann noch lebte, wurde er jest machtiger fein als jemals".

Mazarin befeftigte fich mehr und mehr in seiner Stellung. Seine Belt- Auswartige tenntniß und feine Alugheit ließen ihn die rechten Mittel und Menschen gur Erreichung feiner 3wede finden. Den Pringen von Condé, ben ichon Richelieu jum reichen Mann gemacht, bedachte er mit neuen Gaben, seinen Sohn, bem Ruhm und Chre über Gelb gingen, ftellte er an die Spite der Beere. Den Bergog von Orleans feste er juin Gouverneur von Languedoc ein und deffen Rathgeber und allmächtigen Gunftling, La Rivière, gewann er burch mancherlei Gnadenerweisungen. Bon gang besonderem Bortheil für sein Ansehen waren die Erfolge, welche die frangofischen Armeen im Relde, am Ober- und Mittelrhein errangen. Bir tennen die Baffenthaten, welche im Jahr 1644 die beiden großen Beerführer Enghien-Conde und Turenne gegen ben baberifchen General Merch ausführten, die mörderische Schlacht von Freiburg, die Besethung von Bhilippeburg und Maing (XI, 1002 f.). Magarine Scharfblid batte ben jungen Belden, der den Ruhm der frangofischen Baffen zu jo hohem Glang erbeben follte, querft ertannt und in die rechte Bahn gebracht. Beinrich de la Tour d'Aubergne, Bicomte de Turenne war der Sohn des altern Bergogs von Bouillon, ben wir als Berbundeten ber Sugenotten, ber Bruder bes jungern, ben wir als einen der eifrigsten Bidersacher Richelieu's tennen gelernt haben. 3m alten Schloffe von Sedan hatte er feine Jugend verlebt, wie fein Bater bem reformirten Glaubensbekenntniß ergeben. Spater folgte er bem Strome ber Beit und ließ fich von Boffuet überzeugen, daß nur die tatholifche Religion zur Seligfeit führe. Unter ber Leitung Diefer ausgezeichneten Felbherren erlangten Die Frangofen im Bunde mit dem ichwedisch-deutschen Beere jene Dachtstellung im Felde; die wir im vorigen Bande tennen gelernt haben. Dant ber friegerifchen und politischen Beitlage und ber allgemeinen Sehnsucht ber beutschen Bolter nach Beendigung des unheilvollften aller Rriege erhielt die Regentschaft i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eine Territorialerweiterung, wie fie noch feiner der früheren Regierungen ju Theil geworben. Bugleich mar Frankreich gegen Spanien im Bortheil. Im Bunbe

mit Holland, beffen Abmiral Tromp ben Ranal beherrichte, brangen bie frangefischen Beere in Flandern bor. Enghien eroberte Duntirchen, ben Sauptfit ber spanischen Seemacht und ber Biraterie; ber tubne Felbhauptmann Gaffion richtete bereits feine Gedanten auf Antwerpen; in ben Byrenaen faßten Die frangofischen Armeen immer mehr Boden; in Italien schwand ber Ginfluß und bie Uebermacht des spanischen Sofes babin, seitbem die frangöfische Marine nach ber ruhmvollen wenn auch erfolglofen Schlacht bei Orbitello und bem glorreichen Tobe des Abmirals Brege im Mittelmeer machtig wurde, auf ber Insel Elba und an ber Ruftenftabt Biombino fich fefte Stationen erfampfte und ben Aufftanbifchen in Reapel Unterftützung gewährte. In dem Bergog von Modena hatte ber Barifer hof einen ergebenen Bundesgenoffen, mit dem er ben Kirchenftaat und das Mailandische bebroben tonnte.

Innere Gabrung.

Diefe auswärtigen Erfolge hielten bie ungufriedenen Elemente im Innern einige Beit barnieber; aber bie Geifter waren zu aufgeregt, Die große Partei ber Importans, die fich jest gurudgefest und bem Gespotte preisgegeben fab, an febr erbittert, die Barlamente und die gesammte Magistratur zu febr in ihrer alten Rechtsftellung gefrantt, als bag nicht alle biefe malcontenten Fractionen einen Bechfel im Regierungsipftem batten anftreben, fich ju einer gemeinschaftlichen Opposition gegen Magarin vereinigen follen. Alle Gewaltthatigkeiten,

über bie man fich unter Richelieu beflagt batte, bauerten fort, ja ber Steuerbrud Steuerbrud. erreichte eine noch viel größere Bobe. Bir wiffen, bag bie unerträgliche Saft icon früher in ber Rormandie Bauernaufftande erzeugt hatte; in manchen Brovingen mar bas Cleub fo groß, bag ber hunger bie Menfchen gur Berzweiflung trieb, bag die Bauern aus Mangel an Bugpferben fich unter bas Soch bei Pfluges fpannten, bon Gras und Burgeln lebten; es wurde in ben Standen Die Rlage laut, daß die Erheber der Taille den Armen felbft Betten und Rleider wegnahmen, bag gange Dorfer verobet und verlaffen feien. Und boch hatten feitbem die Bedürfniffe fur ben Rrieg die Abgaben um bas doppelte gefteigert; im Jahre 1644 mußten 120 Millionen Livres aufgebracht werben. Die Barte, womit ber Oberintendant ber Finangen, Emery, ein habgieriger fcwelgerischer Italiener, ber behauptete, Chrlichfeit gezieme fich nur fur Raufleute, Die Ginnahmen zu beschaffen und zu mehren fuchte, erregte eine folche Gabrung unter bem Bolte, daß in berichtebenen Provinzen tonigliche Truppen aufgestellt werben mußten, um aufrührerische Bewegungen nieberguhalten. Die Beftenerung, schon an fich für die Beitverhaltniffe fehr boch, wurde burch die Art ber Ginbringung fiberaus brudend, indem ben fogenannten Partifans, welche ber Regierung die nothigen Gelbsummen borftredten, bie bafür verpfandeten Gefalle und Steuern gur eigenen Erhebung aberlaffen waren, ein Berfahren, wodurch Land und Bolt auf bas Unbarmherzigfte ausgefogen und übervortheilt wurde. Denn ein großer Theil bes Ertrags floß in die Tafchen ber Gelbbefiger und ber Erheber. Man fagte ihnen nach, baf fie fünfinal fo viel von ben Steuerpflich:

tigen eintrieben als fie an die Staatstaffen ablieferten. Im letten Jahr bes Rrieges machten bie militarifden Anftrengungen neue Ausgaben nothwendig. Die Regierung versuchte burch verschiedene Mittel, burch Auflagen auf Lebens. bedürfniffe, durch Ginführung neuer tauflichen Memter, durch Tagen, die man ben Bauferbefigern auflegte, die Ginnahmen zu vermehren, fließ aber bei bem Parifer Parlament auf icharfen Biberftand. Die Landleute mußten auf Stroh Orposition ichlafen, ließ fich der Generaladvocat Talon vernehmen, von Rleie und hafer mente. fich ernahren, ihre bewegliche Sabe wegführen feben, ber Schlachtenruhm bringe tein Brod, Balmen und Lorbeeren feien teine Fruchtbaume. Die Dienste, die das Barlament bei der Ginsepung der Regentschaft der Ronigin erwiesen, batten bie Rorpericaft mit neuem Gelbitgefühl erfüllt, fie wollte fic aus ber Ernied. rigung, die fie burch Richelieu erfahren, wieder aufrichten. Geitbem die Einberufung ber Reichsftande außer Uebung getommen, faben fich die Barlaments. tammern in ihrer Gesammtheit als die Bertreter ber Ration an. Sie erneuerten baber mit großem Rachbrud ben von Richelieu nicht anerkannten Anspruch, bas feine Regierungsverordnung, insbesondere fein Steuer- ober Finanzeditt gultig fein und jum Bollzug gebracht werden tonne, ohne vorbergegangene Berification und Brotocollirung feitens ber oberften Magistratur. Selbst bas Mittel eines feierlichen Bit be Justice, ju welchem die Regentin fcritt, um jeden Bider- 15. 3an. ftand niederzuschlagen, verfagte feine Dieuste. Der Prafibent erklarte, bag bie legislative Bwangsform einer Throngerichtsfigung unter einem minberjährigen Ronig feine Anwendung finden tonne. Ausbrudlich murbe ber Grundfat aufgeftellt und als Fundamentalgefes ber Reichsverfaffung ertlart, bag fein Steuereditt, bas blos auf königlicher Ordonnang beruhe und nicht regelmäßig in die Befehregister eingetragen fei, jum Bolljug gebracht werben burfe. Die Regierung brobte mit ber Aufhebung ber Paulette, Die nur auf eine bestimmte Reihe von Jahren jugeftanden bamals gerade einer Erneuerung bedurfte, eine Dagregel, burch welche einer großen Ungahl ber angesehenften Burgerfamilien bedeutende Bermogensverlufte jugefügt worden waren. Diefe gemeinsame Befahr schärfte bas Gemeingefühl. Gegen bas Berbot ber Regierung traten alle Sectionen oder Beamtenhofe des Baufes zu einer Berathung im Saale St. Louis Bufammen, beren Ergebniß ber Befchluß mar, an den alten Rechten und Bewohnheiten festzuhalten, auf der nationalen Mitwirtung bei der Gefengebung und Besteuerung und auf ber Beseitigung ber von Richelieu eingeführten Reuerungen in der Bermaltung und im Gerichtswesen zu besteben. Die gange Dagistratur, die gesammte Ariftotratie ber Robe vereinigte fich in ber Opposition gegen die Regentschaft. "Die gerichtlichen und abminiftrativen Beamten, burch Rauf oder Erbe ju ihren Aemtern gelangt, suchten die gesetgebende Gewalt unabhangig in ihre Bande zu nehmen. Die jungeren Mitglieder ber Beamtenhofe, noch frijd von den flaffischen Studien der Schule, saben fich als eine Art von römischem Senate an." Das monarchische Bringip, daß die Magistratur

nur ein Ausfluß des Ronigthums sei, welches unter Ludwig XIII. so nachdrudlich bargelegt und aufrecht erhalten worden, schien unter ben neuen Anschauungen und Doctrinen zu zerrinnen. Die Borgange in England, wo der Parlamentaris. mus über die Rrone fiegte, die Auflehnung ber popularen Clemente gegen den spanischen Absolutismus in Catalonien und Reapel stärften auch in Baris ben Muth und die Rraft ber Opposition. Die Ausgleichungsvorschläge Mazarins wurden gurudgewiefen. Bis gu ber außerften Confequeng verfocht bas Parlament fein Bringip.

Der Regierung war biefer bausliche Streit bochft wiberwartig; fie fürchtete

Berhaftung zweier Barlamente eine nachtheilige Rudwirtung auf die Friedensverhandlungen in Munfter. Die

1

Ę

ł

ļ

١

verschaffen wußte.

rathe. Die Declaration Königin benutte daher den Eindruck, den die Erfolge der französischen Baffen 1646. in Italien und in den Niederlanden, vor Allem der glänzende Sieg des Prinzen 20. Mug. von Condé über die fpanische Armee bei Lens in den Gemuthern erzeugte, ju einem Staatsftreich im Beifte Richelieu's: fie ließ zwei Mitglieder bes Parlaments, den Prafidenten Blancmesnil und den Rath Brouffel in Saft nehmen, um fie wegen Biberfetlichkeit ftrafen ju laffen. Die Berhafteten maren teineswegs die einflugreichften Manner der Berfammlung oder die Führer der Oppofition, aber fie galten als madere und eifrige Fürsprecher bes Bolts gegenüber dem brudenden Befteuerungsspftem, und Brouffel insbesondere mar eine in den burgerlichen Rreifen fehr geachtete Berfonlichfeit. Die Runde ihrer Begführung erzeugte baber eine große Aufregung; Die Burgerichaft von Baris trat unter Die Baffen und errichtete Barritaben. Erschroden floh Anna mit bem jungen Ronig Bu einem Aufruhr wollte es jeboch auch die Magistratur nicht treiben. Es wurden Unterhandlungen eingeleitet, die mit einem Compromis endigten. Durch die Declaration vom 24. Ottober wurden nicht nur die beiden Barlamenterathe in Freiheit gefest und in ben Steuererhebungen einige Erleichterungen gewährt; die Königin gab auch ihre Einwilligung zu einem Artikel, ber wenn er gleich nicht volle Sicherheit ber Person gegen willfürliche Berhaftung. Berbannung und Ausnahmsgerichte garantirte, doch beruhigende Busagen in Betreff perfönlichen Schutzes machte. Zwei Staatsrathe, Chavigny und Chateauneuf, die als Feinde Mazarins ebenfalls in Gefangenschaft geführt worden waren, wurden entlaffen, Emery aus seinem Amte entfernt, die Gewalt ber Intendanten eingeschränkt. Magarin, ein Diplomat von feinen gefälligen Formen, verstand es beffer als sein Borganger, burch entgegenkommendes, vertrauliches Befen die Manner des Rechts und des ftrengen Pringips nachgiebig und gefcmeibig zu machen. Bahrend Richelieu feine Gegner erbarmungslos aus bem Bege raumte, trachtete Mazarin fie durch Unterhandeln zu gewinnen. Aber er befaß auch nicht die durchgreifende Energie und Folgerichtigkeit des Charafters,

burch die fich ber verstorbene Staatsmann Behorfam und Unterwürfigfeit gu

gleichzeitigen Abichluß b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einen Beitpunkt innerer und

Rach der Uebereinkunft vom 24. Oktober, die durch den

III. Regentichaft ber Ronigin Anna u. Bubwigs XIV. Anfange. 69

außerer Ruhe zu begrunden schien, kehrte der Hof mit dem Minister nach Paris 30. Oft. zurud.

## b. Magarin und bie Rriege ber gronde.

Allein bie Geifter waren in ju großer Erregung, als bag bie öffentlichen Ange- Charatter legenheiten fofort wieder in den regelmäßigen Sang hatten gebracht werden tonnen. Alle Ungufriedenen reichten fich die Bande, um den Sturg des Miniftere Magarin au bewirken. Die getäuschte Bartei der Importans, Die Manner der Barlamente und ber gesammten Magistratur, die mit Steuern und Abgaben belafteten Burger ber Hauptstadt, viele herren bom Abel vereinigten fich ju einer Opposition gegen bie Regentschaft, welche funf Jahre lang Frankreich in Berwirrung, in Aufftande und innere Unruben fturate, und ein klägliches Rachspiel zu bem eben beendigten großen europäischen Rriege und ein fleinliches Seitenftud ju ben gleichzeitigen burgerlichen Rampfen in England bilbete. Man bezeichnet biefe Bewegungen und Barteiungen als Rrieg ber Fronde, vielleicht nach einem Bigwort, bag man wie Schleuderer aus ber Kerne mit unscheinbaren Baffen ben Riesen (Mazarin) erlegen wolle, ein Rame, mit welchem feitbem alles factiofe Treiben belegt mard, bem feine hoberen Pringipien, feine edleren Motive gu Grunde liegen. "In bem Rrieg ber Fronde mar nichts mehr zu finden von dem raich. lodernden Parteifeuer ber früheren Beiten, nichts mehr von den Bewegungen um ein großes geiftiges, ftaatliches ober auch nur forperschaftliches Intereffe. Alles war ein Spiel fleiner Bofrante gegen bie Minifter". Richt Liebe gur Freiheit, nicht Bag gegen ben Despotismus mar es, was die Gegner bes Bofes aufammenführte; ohne gemeinsames Biel, ohne Sinn für bas Gesammtwohl ber Ration tampften die Factionen nur fur die Erhaltung alter Standes. und Sonderrechte, überlieferter Privilegien, ererbter ober erworbener Bortheile. Gigennut und perfonliche Triebfedern beftimmten die Rollen, welche die Sandelnden wählten und nach ben Umftanden wechselten ober unter Truggeweben liftig verhullten; galante Berhaltniffe und Intriguen, Liebschaften mit weitgebenden Licenzen, Reib und Gifersucht, bie Leibenschaften und boshaften Rante eines verfeinerten Befellichaftslebens übten großen Ginfluß auf ben Bang ber burgerlichen Rampfe, ber blutigen Ereigniffe, ber revolutionaren Auftritte; Die Staatstunft ftand nicht felten im Dienfte fürftlicher Frauen bon freien Sitten, Die ihre Buhltunfte in politischem Intereffe ausübten; an das Bohl und Bebe bes Bolts. an die Ehre und Freiheit ber Ration wurde wenig gedacht, wenn gleich alle Theilnehmer und Mitfpieler bes geschichtlichen Dramas ihre perfonlichen Intereffen mit höheren und ebleren Motiven zu verdecken bemuht waren. Dag bas Staatswesen an tiefen Bunden litt, murbe allgemein gefühlt; aber jebe Partei fab nur ben Splitter im Auge bes Anbern, nicht ben Balten im eigenen. Rein Bunber, baß bas frangösische Bolt fich julest von den Demagogen der vornehmen privilegirten Stände abwandte und lieber die volle Staatsgewalt in ben Banden

nur ein Ausstuß des Königthums sei, welches unter Ludwig XIII. so nachdrudzlich dargelegt und aufrecht erhalten worden, schien unter den neuen Anschauungen und Doctrinen zu zerrinnen. Die Borgänge in England, wo der Parlamentarismus über die Krone siegte, die Ausstehnung der popularen Elemente gegen den spanischen Absolutismus in Satalonien und Reapel stärften auch in Paris den Muth und die Kraft der Opposition. Die Ausgleichungsvorschläge Mazarins wurden zurückgewiesen. Bis zu der äußersten Consequenz versocht das Parlament sein Brinzip.

Berhaftung Der Regierung war dieser hausliche Streit hochst widerwartig; sie fürchtete Junentse eine nachtheilige Rüchwirtung auf die Friedensverhandlungen in Münster. Die Declaration Königin benutte daher den Eindruck, den die Erfolge der französischen Waffen wom 24. Dtt.

1646. in Italien und in den Riederlanden, vor Allem der glänzende Sieg des Prinzen

20. Mug. von Condé über die fpanische Armee bei Lens in den Gemuthern erzeugte, ju einem Staatsftreich im Geifte Richelieu's: fie ließ zwei Mitglieder bes Barlaments, den Prafidenten Blancmesnil und den Rath Brouffel in Saft nehmen, um fie wegen Biberfetlichkeit ftrafen ju laffen. Die Berhafteten maren teines. wegs die einflugreichsten Manner der Bersammlung oder die Führer der Oppofition, aber fie galten als madere und eifrige Fürsprecher des Bolts gegenüber dem brudenden Besteuerungespftem, und Brouffel insbesondere mar eine in den burgerlichen Rreisen febr geachtete Perfonlichfeit. Die Runde ihrer Begführung erzeugte daber eine große Aufregung; Die Burgerichaft von Baris trat unter Die Baffen und errichtete Barritaden. Erschroden floh Anna mit dem jungen Konig nach Ruel. Bu einem Aufruhr wollte es jeboch auch die Magistratur nicht treiben. Es wurden Unterhandlungen eingeleitet, die mit einem Compromiß endigten. Durch die Declaration vom 24. Oftober wurden nicht nur die beiden Barlamenterathe in Freiheit gefett und in ben Steuererhebungen einige Erleichterungen gewährt; die Königin gab auch ihre Einwilligung zu einem Artiscl, der wenn er gleich nicht volle Sicherheit der Person gegen willfürliche Berhaftung, Berbannung und Ausnahmsgerichte garantirte, boch beruhigende Bufagen in Betreff perfönlichen Schutzes machte. Zwei Staatsräthe, Chavigny und Chateauneuf, die als Feinde Magarins ebenfalls in Gefangenschaft geführt worden waren, wurden entlaffen, Emery aus feinem Amte entfernt, die Gewalt ber Intendanten eingeschränkt. Mazarin, ein Diplomat von feinen gefälligen Formen, verstand es beffer als sein Borganger, burch entgegenkommendes, vertrauliches Befen die Manner des Rechts und des strengen Pringips nachgiebig und geschmeidig zu machen. Babrend Richelieu seine Gegner erbarmungslos aus dem Bege raumte, trachtete Mazarin fie durch Unterhandeln zu gewinnen. Aber er besaß auch nicht die durchgreifende Energie und Folgerichtigkeit des Charakters. durch die fich der verftorbene Staatsmann Behorfam und Unterwürfigfeit ju verschaffen wußte. Rach ber Uebereintunft vom 24. Oftober, Die durch ben gleichzeitigen Abschluß b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einen Beitpunkt innerer und

III. Regentichaft der Ronigin Unna u. Lubwigs XIV. Anfange. 69

außerer Ruhe zu begründen schien, tehrte ber Gof mit bem Minister nach Paris 30. Oft. zurud.

## b. Magarin und bie Rriege ber gronde.

Allein bie Beifter waren in ju großer Erregung, als bag bie öffentlichen Ange. Charatter legenheiten sofort wieder in ben regelmäßigen Sang hatten gebracht werden tonnen. Alle Ungufriedenen reichten fich bie Banbe, um ben Sturg bes Minifters Magarin au bewirken. Die getäuschte Bartei ber Importans, die Manner ber Barlamente und ber gesammten Magistratur, die mit Steuern und Abgaben belafteten Burger ber Hauptstadt, viele Berren vom Abel vereinigten fich zu einer Opposition gegen Die Regentschaft, welche funf Jahre lang Frankreich in Berwirrung, in Aufftanbe und innere Unruhen fturate, und ein flagliches Rachspiel zu bem eben beendigten großen europäischen Rriege und ein fleinliches Seitenftud ju ben gleichzeitigen burgerlichen Rampfen in England bildete. Man bezeichnet diese Bewegungen und Parteiungen als Rrieg ber Fronde, vielleicht nach einem Bigwort, bag man wie Schleuberer aus ber Gerne mit unscheinbaren Baffen ben Riefen (Mazarin) erlegen wolle, ein Rame, mit welchem feitdem alles factiofe Treiben belegt ward, bem feine höheren Bringipien, feine edleren Motive zu Grunde liegen. "In dem Rrieg ber Fronde war nichts mehr zu finden bon dem raich. lobernben Barteifeuer ber fruberen Beiten, nichts niehr von ben Bewegungen um ein großes geiftiges, staatliches ober auch nur forperschaftliches Interesse. Alles war ein Spiel fleiner hofrante gegen bie Minister". Richt Liebe gur Freiheit, nicht Bag gegen ben Despotismus mar es, was die Gegner bes Bofes aufam. menführte; ohne gemeinsames Biel, ohne Sinn für bas Gesammtwohl ber Ration tampften die Factionen nur fur die Erhaltung alter Standes- und Sonderrechte, überlieferter Privilegien, ererbter ober erworbener Bortheile. Gigennut und perfonliche Triebfebern bestimmten die Rollen, welche die Sandelnden mahlten und nach ben Umftanden wechselten ober unter Eruggeweben liftig verbullten; galante Berhaltniffe und Intriguen, Liebschaften mit weitgebenden Licenzen, Reib und Gifersucht, Die Leidenschaften und boshaften Rante eines verfeinerten Gefellichaftslebens übten großen Ginfluß auf ben Bang ber burgerlichen Rampfe, ber blutigen Ereigniffe, ber revolutionaren Auftritte; Die Staats. tunft ftand nicht felten im Dienfte fürftlicher Frauen von freien Sitten, Die ihre Buhltunfte in politischem Intereffe ausübten; an bas Bohl und Bebe bes Bolts. an die Ehre und Freiheit der Ration wurde wenig gedacht, wenn gleich alle Theilnehmer und Mitfpieler bes geschichtlichen Dramas ihre perfonlichen Intereffen mit höheren und ebleren Motiven zu verdeden bemuht maren. Dag bas Staatswesen an tiefen Bunben litt, wurde allgemein gefühlt; aber jebe Partei fab nur ben Splitter im Auge bes Anbern, nicht ben Balten im eigenen. Rein Bunber, baß bas frangösische Bolt fich julett von ben Demagogen ber vornehmen privilegirten Stände abwandte und lieber die volle Staatsgewalt in ben Sanden

eines einzigen als vieler Despoten fab. Die gablreichen Memoiren ber Beit, vor allen die des Cardinal be Reg, des Bergogs von Larochefoucauld, der Madame be Longueville u. a. m. find jum Theil Mufter pfpchologifcher Darftellungs. tunft, und laffen tiefe Blide thum in bas sociale Leben bon Paris, in bas bewegliche, rantevolle Treiben einer gabrenden Uebergangezeit, in die mublerische Thatigkeit erregter Gesellschaftstreise voll heftiger Affecte. Das historische Gemalbe, bas ber Graf von Saint-Aulaire in feiner Geschichte ber Fronde aus Diefen farbenreichen Elementen aufammengefügt bat, ift ein treuer Spiegel ber staatlichen und gefellschaftlichen Buftande einer Beit, in welcher bie wichtigsten Fragen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politische und friegerische Entscheidungen, Rechte und Berfaffung mit bem verflochtenen Spiel perfonlicher Berhaltniffe, mit ben socialen Bechselbeziehungen ber boben Gesellschaftstreife, ben Berbindungen und Scheidungen ber Elemente Saud in Sand gingen.

con Res unb

Die Seele Diefes agitatorifchen Treibens, Diefer politischen und burgerlichen andere Revolution im Rleinen, mar ein eben fo geiftreicher als leichtfertiger und fitten-Bronde lofer Mann, ben Familienintereffe in ben geiftlichen Stand geführt, obwohl ihm Natur und Charafter ganglich abgingen — Paul von Gondi, Coabjutor feines Dheims des Erzbifchofs von Paris und in der Folge Cardinal. Bervorgegangen aus einer pornehmen florentinischen Familie, die unter ben Mediceischen Roniginnen in Frankreich Rang und Reichthumer erworben, ihre Berrichaft Res an ber unteren Loire zu einem Bergogthum erhoben und ben bischöflichen Stuhl in Paris fast in erblicher Succession in ihren Besit gebracht hatte, stand Gondi in ber Mitte ber hohen Abelsfreise und mar augleich durch feinen priefterlichen Charafter ber Beiftlichfeit und den burgerlichen Rlaffen der Barifer Bevölferung nabe geftellt; und was ihm in diefer bewegten Beit eine besondere Bedeutung verlieb, war feine bemagogische Anlage und Reigung, von der feine durch kunftlerische Darftellung wie burch ihren Inhalt gleich angiebenden Dentwürdigkeiten Beugniß geben. Schon in ber Bearbeitung ber "Berichwörung bes Fiesco" von Mascardi hatte Ret in einigen Bufagen und Bemerkungen gezeigt, daß er in Sachen ber Bolitit wie Machiavelli urtheile. Er hielt alle Mittel für erlaubt, die jum Biele führen. Seine Stellung als Coadjutor feines wenig befähigten arbeitscheuen Dheims feste ibn in die Lage, fich ber Beiftlichkeit von Paris anzunehmen und badurch ihre Gunft zu erwerben, durch feine Bobltbatigfeit brachte er die armeren Boltstaffen auf feine Seite; feine verwandtichaftlichen Berbindungen mit ber hoben Aristotratie führten ibn in die bochsten Rreise, benen er auch durch sein weltliches Leben, burch die mit seinem Stande im Biderspruche ftebenden Ausfdweifungen und Bergnugungen angehörte. Beniger aus Princip als aus Berbruß über eine bon ber Ronigin erfahrene Unterschatzung seiner Dienste bei bem Barrifabentampfe wurde er in die Opposition gegen die Regierung, ju den Gegnern bes Miniftere Magarin geführt. Er felbst berichtet une, wie er querft versucht babe, Conde jum Saupt ber Coalition ju machen, ber Pring aber fich durch bie

verlodenden Aussichten auf eine politische Machtstellung, wie fie die Parteiführer der Ligue beseffen, nicht habe gewinnen lassen. Dagegen trat sein jungerer Bruder, Conti, und seine von Andetern umworbene eben so schoele als geistreiche und intrigante Schwester, die Herzogin de Longueville zu der Fronde über.

Balb tamen die Birtungen der agitatorischen Umtriebe des Coadjutors und Der Sof in Et. Germain feiner Genoffen gum Borichein. Die Parlamentshofe erneuerten ihre Proteste und bie Coa gegen die Steuereditte und Finangoperationen ber Regierung; ber Parifer Stadt. Baris 1849 rath und die Burgerschaft lieben ben aufwieglerischen Reben Gondi's Gehor; in ben Strafen und öffentlichen Plagen zeigten fich tunnltwarische Bewegungen; man berlangte, daß ein altes Wefes, traft beffen tein Frember in die Regierungs. geschäfte Frantreiche fich einmifchen folle, gegen Mazarin in Anwendung gebracht werbe. Ronigin Anna fürchtete für ihre und ihres Sohnes Sicherbeit. Da murbe im tiefften Geheimniß ber Blan gefaßt, ben Sof nach St. Germain zu verlegen. Um Mitternacht am Dreifonigstage tam unter bem Beiftanbe ber Bringen von 8. San. 1619 Orleans und Condé die fluchtabnliche Entfernung aus ber Sauptftadt gludlich au Stande. Mit blefer Begebenheit nehmen die revolutionaren Bewegungen größere Dimenfionen an : Das Barlament, auftatt ber Berweifung Folge gu leiften, Die ber Sof aussprach, erklärte ben Minifter für einen Reind bes Ronigs und bes Staats. erkannte bie Acht über ihn und jog feine Guter und Ginfunfte ein; Die Barifer Burger traten unter bie Baffen, um im Bunde mit ben Mannern bes Rechts, welche auf die Erträge ber Steuern und Abgaben Beschlag legten, und unter ber Führung des Coablutors und ber malcontenten Ariftofratenhaupter Baris gegen die Regierungstruppen zu vertheidigen, mit welchen Conbe im Ramen ber Ronigin und des Ministere die widerspenstige Sauptstadt befriegte. Wie unnatürlich und geamungen bie Union fo verschiebenartiger Elemente erscheinen mochte; ber Dag gegen den Absolutismus hielt fie gusammen : Abel und Magistratur, sonft so haufig in Bwiefpalt, reichten fich bie Sande aum Bund. Als Madame be Conde-Longue. ville ihrer Entbindung entgegenging, bezog fie die Raume bes Rathhaufes. Die Bergoge von Bouillon, von Beaufort, von Elbeuf, von Longueville, der Pring bon Conti, ber Bicomte bon Turenne fowuren, daß fie das Parlament und die Burgerichaft gegen die ministerielle Tyrannel befcugen wollten. Die Rathe ber gesehgebenden Rorperschaft, unter benen ber Prafident Matthieu Mole burch Rechtstenninis, wie durch politische Ginficht und durch Muth und Charafterfestigfeit bervorragte, fühlten sich in ihrer Opposition gehoben und gestärkt burch ben Beiftand ber hoben Aristofratie. In den Galen bes Stadthauses begraneten fich die Abelsführer und die Saupter ber Magiftratur ju gefelligem Bertehr.

Ueber zwei Monate dauerte der Krieg vor den Mauern von Paris; und Baraerkrieg wenn auch nur kleine Gesechte und. Scharmüßel vorsielen, so brachten doch die premis. Länderverwüstungen und die Unterbrechung alles Handels und Berkehrs Roth genug über die Stadt, zumal seitdem die Königlichen durch Conde's Sieg bei Charenton den Lauf der Seine beherrschten. Bei dem Parlamente und der .8.8.866r.

Municipalität legte fich baber auch balb ber revolutionare Geift; man tonnte fich nicht verhehlen, daß die Opposition ihre gesetlichen Befugniffe überfchreite, wenn fie die Ronigin zwingen wolle, ihren Minister zu entlassen. Und auch in St. Germain war man einem Ausgleich nicht entgegen. Wer burgte benn bafur, daß nicht Spanien die Radel der inneren Zwietracht noch mehr anfache, in der Hoffnung, ben Geift der Ligne in dem Rachbarreiche noch einmal heraufzubeichworen? Dan brachte in Erfahrung, bag einzelne Abelebaupter mit bem fpanisch-nieberlandischen Sof in Bruffel Unterhandlungen angefnüpft batten. Go fam es im Balaft Ruel zu Conferenzen zwischen ber Regierung und den Bevollmächtigten bes Parlaments und ber Municipalität. Die Generale ber Fronde und ber Coadjutor wiesen die Unterhandlungen mit Mazarin gurud und reigten die untern Boltstlaffen gegen Mole und feine Genoffen auf. Aber fie maren unter fich uneinig. Beaufort und die alten Importans wollten vor Allem Mazarin fturgen, um felbst bas Regiment zu erlangen und wenn auch Res wie er behauptet, eine Reform ber Staatsverfaffung anftrebte, traft beren ber monarchifche Abfolutismus burch die gesehmäßigen Gewalten "temperirt" werden follte, fo flogte boch fein Sang au Intriguen, au politischen Bublereien und Umtrieben, fein haltlofes, bewegliches und unfittliches leben zu wenig Bertrauen ein. Die Borgange in England, wo am Tage nach bem Treffen von Charenton Ronig Rarl Stuart auf dem Blutgerufte ftarb, hatten die Birtung, daß der Sof den Bogen nicht zu stramm anzog. Die anfangs gestellte Forberung, bag bie allgemeinen Berfammlungen fammtlicher Barlamentetammern für Die nachsten brei Jahre b. b. bis zur Bolljährigfeit bes Ronigs unterbleiben follten, gab Magarin auf; nur mahrend bes laufendes Jahres follten teine Sigungen der Urt mehr gehalten werben. Dafür nahm bas Parlament die feit der Entfernung des Bofes gefaßten Befchluffe, insbefondere bas Mechtungsbetret gegen ben Minifter gurud. In Paris wurde diese Uebereinfunft übel aufgenommen : die herren der Fronde wollten nichts von einem Bertrag boren, ber ohne fie abgeschloffen fei und Magarin im Amte ließe. Tumultuirende Bollshaufen bedrohten den Prafidenten Molé nach feiner Rudtehr auf ber Strafe, aber ber "großbergige" Mann mit bem langen Barte ging festen Schrittes durch die infultirende Maffe. Bald beruhigten fich indessen die Saupter der Fronde, als sie vernahmen, daß die Rönigin geneigt sei, ihnen Amneftie und die Bestätigung der Declaration zu bewilligen und sogar mehreren Parteiführern die von ihnen erhobenen Anspruche im Beg ber Gnade zu gewähren.

Molcontente

So war ber Friede außerlich hergeftellt; ber fof jog wieder in Paris ein; Stimmun- Alles schien in das alte Geleise gurudzukehren. Die Ration felbst war von diefein Sturm im Bafferglase wenig berührt worden. Aber bie "Rothwendigkeit ber Dhnmacht", die ben Frieden geschaffen, war nicht ftart genug, ibn zu erhalten. Beit entfernt, daß die Krone wieder ihre frühere Macht und Autorität erlangt hätte, erhoben die Factionen von Neuem drohend ihr Haupt empor. Roch standen

die Herren der Fronde unter Beaufort und Gondi de Ret wie eine geschloffene Phalang ba, burch Intriquen, Agitationen und conspiratorische Umtriebe die höheren Stande wie die unteren Bolteclaffen in Athem haltend ; an den Grenzen hatte ber Rrieg gegen Spanien feinen Fortgang, aber wie follten bei ber inneren Unsicherheit große Erfolge im Relb errungen werden, zumal als die namhaftesten Generale, Conbé und Turenne im entgegengefesten Beerlager in die inneren Partei. tampfe verftridt waren ? Richt einmal Cambray vermochte Magarin zu erobern ; daß er im Rriege icheiterte, freute feine inneren Gegner nicht weniger als die Spanier. Bu diesen Gegnern bes Ministers geborte nun auch ber "große Conde." Bir Der Bring wiffen, welche Bortheile bem Bater die Freundschaft mit Richelieu eingetragen; bei feinem Lobe (1646) war feine Familie im Befige unermeglicher Reichthumer und ber einflufreichften Staatsamter. Es hatte gang ben Anfchein, als ob ber Sohn diefelbe Politit gegenüber bem Rachfolger Richelieu's ergreifen murbe: er hatte die Sache des Hofes gegen die Hauptstadt und die Fronde mit Erfolg geführt; und wie boch auch ber Preis mar, ben er für seine Dienste beischte, die Ronigin und Magarin glaubten fich verpflichtet, alle feine Unsprüche ju befriebigen ; fie raumten ihm eine Stellung ein, die einer Mitregentschaft nicht unabnlich war. Dennoch konnten fie feinen Stolg, feinen Uebermuth, feine berrichfüchtige Ratur nicht befriedigen; je mehr fie feinen Bunfchen und Forderungen nachgaben, um fo mehr reigten fie feine Begierden fur neue Auszeichnungen. Am Bof und in ber Regierung follte Alles nach feinem Billen gefcheben ; er rühmte fich, bag er es gewesen, burch ben ber Ronig in bie Sauptstadt gurudgeführt worden fei : gegen Mazarin betrug er fich anmagend, er ließ ibn ben Abstand ihrer Geburt und gefellschaftlichen Stellung empfinden. Als ber Italiener fich durch die Berheirathung einer feiner Richten mit Mercoeur, dem Erben ber Bendomes einen Anhang in ber frangofischen Ariftotratie zu verschaffen suchte, mußte ber Bring die Heirath zu hintertreiben. Es war eine doppelte Natur in dem Manne: Als Felbherr an ber Spige ber Beere mar er ebenfo unternehmend und feurig als ficher und feft, ein Better in ber Schlacht und babei gegen die Baffenbruder ein "guter Ramerad", hingebend, rudfichtevoll und theilnehmend. "Wer ihn in ber Schlacht fah", heißt es bei Rante nach frangofischen Berichten, "eine fclante Beftalt, mit bem Ausbrud bes Ablers im Auge, taltblutig amifchen ben vorbeis faufenden ober um ihn ber nieberschlagenden Rugeln, fein Antlit fleischlos, bie Band, welche das Schwert führte, mit Feindesblut bespritt; ber meinte ben Rriegsgott zu erbliden." Dagegen war er in politischen Dingen ohne tieferes Urtheil, für Staatsgeschäfte ober für Berhandlungen in Collegien und Berfamm. lungen ohne Talent und Geschid und im Leben berrifch und anmagend. "Er verftand es beffer Schlachten ju gewinnen, als Bergen" beißt es in ben Memoiren eines Beitgenoffen. Als erfter Pring von Geblut, als haupt bes Abels als berühmtefter Felbherr ber Beit fühlte er fich fo erhaben über alle Standesgenoffen, fo berufen die erste Rolle am Hofe, in der Gefellschaft, in allen öffentlichen An-

gelegenheiten zu fpielen, baß er fich gegen Bebermann hochfahrend und rudfichtslos benahm, daß er in allen Dingen feinen Billen burchfegen wollte, bag ibm jeber Biberfpruch unerträglich mar. Gin ausgesprochener Feind burgerlicher Freis heit begunftigte er boch ben monarchischen Absolutismus nur in fo weit, als er in bem Ronig bas Saupt ber Ariftofratie erblidte. Für höhere ftaatsmannifde Ibeen befaß er tein Berftandniß; auf Magarin, bem Baffenruhm und Rriegsglad nicht zur Seite ftanben, ichaute er mit Beringicagung berab.

Coalition gronbeurs.

Gelbst ber Ronigin Anna wurde bas übermuthige Betragen bes Bringen bes Gofes unausstehlich. Sie überlegte mit ihrem Minister, auf welche Beife man fich ber läftigen Autorität bes berrichfüchtigen Mannes entziehen mochte, und biefer rieth au einer Berfetung ber bisberigen Barteiftellung. Der hof folle fich mit ben Führern ber Fronde vergleichen und geftütt auf die neue Bundesgenoffenschaft ben Prinzen und die Condesche Faction in Gewahrsam bringen. Anna ging auf den neuen Staatsstreich ein. So verhaßt war ihr bas bariche eigenmachtige Auftreten bes bochfahrenben Mannes, bas fie ihre Abneigung gegen bie Frondeurs überwand und ihr Haupt, den Coadjutor Gondi zu einer geheimen Unterrebung im Schloffe einlub. Bie freute fich die Bergogin bon Chebreuse, daß fie von ihrer ehemaligen Gonnerin wieder als Bermittlerin verwendet ward und ihrem alten Grolle gegen die bublerifche Conbe-Longueville Luft machen Berbaftung tonnte! Gin Sahr und wenige Tage waren verfloffen, feitbem Conbe bem Sof auf seiner nachtlichen Kahrt nach St. Germain gefolgt mar, und nun wurde er

selbst bei Gelegenheit einer Sitzung im Balais Ropal mit seinem Bruder, Conti. 18. 3an. und feinem Schwager, Longueville, verhaftet und fofort nach Bincennes geführt. Daffelbe Schidfal war auch bem Bergog von Bouillon, bem geiftreichen Freunde ber Longueville, Marfillac Bergog von Larochefoucauld, und andern Gliebern und Anhangern ber Conbeiden Partei jugebacht, aber fie fanden Beit und Gelegenheit jur Flucht. Bie unbeimlich immer bas Berfahren gegen bie naben Bermanbten bes foniglichen Saufes erscheinen mochte, in Baris ging bie Sache ohne Tumulte vorüber. Bielinehr feierte man am Abend bie Begebenheit mit Freubenfeuer und Sochrufe auf ben Ronig. Die Bewohner ber Sauptstadt hatten bem Pringen die Bermuftung ihrer Landhaufer und Garten im borigen Sabre

nicht vergeffen, und die Popularitat des Coabjutors, ben man auf Seiten bes Bofes fab, erzeugte bei bem Bolte eine gunftige Stimmung.

Die "neue Fronbe" im Spanien.

Condé hatte es feinen Gegnern von ber Fronde ftets jum Borwurf gemacht. Bunbe mit daß fie mit Spanien conspirirten; jest erlebte er daffelbe von feinen eigenen Bartei. genoffen. Seine Schwester, an ftolgem und herrischem Sinne bem Bruber abnlich, war auf einigen Umwegen nach Lothringen entflohen, wo fie bas feste Stabtchen Stenay an ber Maas zur Bafis conspiratorischer Complotte machte. Turenne, ben fie an ihre Seite rief, gewann fie militarifche Sulfe und Führung. Sie wandte fich an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in Bruffel um Unterftugung, und diese ging nach einigem Bebenten mit ber Bergogin und Turenne einen Bertrag ein, wonach fie mit gemeinschaftlichen Rraften Die Befreiung der gefangenen Bringen und einen gerechten und fichern Frieden erzielen wollten. Burde bas Erfte ge-Tingen und Conde ftatt Mazarin an die Spipe ber Regierung treten, fo ichien bas Lette von felbst folgen zu muffen. Alehnliche Berhandlungen wurden zu gleicher Beit zwischen Bordeaur, wohin fich Conde's Gemahlin mit ihrem Göhnchen und Die Berzoge von Bouillon und Larochefoucauld begeben hatten, und dem fpanischen Bofe in Mabrid angetnupft. Die machtige Seeftabt, icon lange in beftigent Rampfe mit bem jungeren Epernon, Souverneur in Subenne, batte ben Condé-Schen Parteibauptern um fo bereitwilliger ein Afpl gewährt, als Epernon bie Bunft bes hofes und bes Ministers genoß.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aber trug tein Bedenten, bem Beispiele Richelieu's in Catalonien und Portugal folgend Die revolutionaren Elemente im Rachbarreiche zu unterstützen. So schienen benn Die Tage der Lique wiederkehren zu wollen. Aber wie schon früher bemerkt, ben Sandelnden fehlten die boberen ethischen Momente, dem Bolte die tieferen Leibenschaften und Intereffen fruberer Tage. Die Sauptleitung lag in ben Sanden ber Frauen, und so behielt benn auch die gange revolutionare Bewegung einen weiblichen, bilettantischen Charafter. Die Erbitterung gegen die "Magariner", und eine Regung von Mitleid und Großmuth erwarben der hoben Frau, welche ben einzigen Bringen aus dem foniglichen Saufe, der nicht in der Gewalt bes fremden Machthabers, bes öffentlichen Feindes fei", unter die Obhut ber Stadt zu ftellen ertlarte, die Bergen und Sympathien des füdfrangösischen Boltes : sowohl die Pringeffin ale die beiden Bergoge, die Führer der "neuen Fronde" wurden in die Stadt aufgenommen und durften eine fpanische Besandtichaft em. 8. 3ult pfangen: als aber Magarin mit ber Konigin und bein jungen Ronig in Gupenne erschien und die Seeftadt mit einer Belagerung bedrangte, erhielt ber befonnenere Theil der Bevolferung die Oberhand. Es wurde ein Ausgleich verabredet, fraft 1, Dit. beffen von Seiten der Regentin die Abberufung des Bergogs von Epernon und der fichere Aufenthalt der Pringeffin und ihre Sohnes auf einem ihrer Buter, von Seiten der Stadt Gehorfam und Unterwerfung zugefagt marb. Damit mar ber Suden gegen eine spanische Invafion gedeckt und Mazarin konnte fich gegen bie von Norden brobende Rriegsgefahr wenden. Denn ichon hatten fpanische Truppen Stenag mit Ausnahme der Citadelle befett, ichon mar Turenne an ber Spipe einer kleinen Armee nach der Champagne vorgedrungen in der Absicht Bincennes zu erobern und die Gefangenen zu befreien. An feiner Seite ftritt ber junge Graf von Boutteville, fpater Maricall und Bergog von Lugembourg, beffen Bater einst wegen Uebertretung der Duellgesete auf Befehl Richelieu's enthauptet worden war. Aber auch bier erzeugte die Ankunft Magarins raschen Bandel. Rachbem er die gefangenen Bringen von Bincennes nach Schlof Marcouffis hatte ichaffen laffen, von wo fie bald barauf nach havre de Grace verbracht wurden, begab er fich zu ber koniglichen Armee unter bem tuchtigen Felbhauptmann 14. Deebr. Du-Plesis, entriß den Spaniern die von ihnen eroberte Stadt Rethel an ber

Marne und fügte bem zum Entfage beranrudenden Turenne eine Rieberlage bei. Unter ben Rriegsgefangenen war Boutteville.

Die alte unb

In Paris erregte bie Runde von diesen Erfolgen bes Ministers großen bie neue Gronbe im Schreden. Denn bort batte fich mabrend feiner Abwesenheit eine neue berftartte

Opposition gebildet. Ginige Beit waren die herren ber alten Fronde mit Magarin Sand in Sand gegangen, in ber Hoffnung durch ihn ju Macht und Ginfluß zu gelangen. Gelbst bas Parifer Barlament erhob feine Ginsprache gegen bie Baftnahme ber Bringen, obwohl es nicht leugnen tonnte, bag badurch die Declaration bom 24. Oftober betreffend bie perfonliche Sicherheit verlet worben fei. Bald aber ermachte der alte Groll wieder; die Erwartungen der Parteihäupter maren getäuscht worben; fie ertannten mit Berbruß, bag ber verhaßte Minifter auf ihren Schultern zu hoherem Anfeben emporgeftiegen. Ginflugreiche Frauen, bor Allem die betagte Mutter Condes, die thatige Rantespinnerin Chevreuse, die geiftreiche, leichtfertige Pfalzgrafin Anna bon Gonzaga, Tochter bes Bergogs bon Mantua und Revers, arbeiteten an einer Aussähnung der alten und neuen Fronde. Auch Larochefoucauld, ber aus perfonlicher Feindschaft wiber ben Coabjutor am lang. ften zu Mazarin hielt, ließ fich zum Beitritt in die Coalition bewegen. Der Pring sollte befreit werden und an die Spipe der Staatsgeschäfte treten, die Genoffen mit Aemtern und Burden belohnt werden, Gondi jum Range eines Cardinals emporfteigen. Auch bas Parlament ichloß fich bem Bunde an. Der erfte Prafi-

20. 3an. bent Molé hielt der Königin einen Bortrag, der fie fehr verlette. Die Prinzen feien geborene Rathe ber Rrone und die Stugen bes Thrones; ihre Gefangenhaltung verstoße gegen Recht und Geset und gegen die frühere Uebereinkunft. Anna's Berdruß mehrte fich, als fie vernahm, daß auch ihr Schwager, ber Herzog von Orleans, welcher der Königin fo lange in guten und bofen Beiten treu gur Seite gestanden, fich von ihr abgewendet habe. Seine Gemablin Margaretha von Lothringen, die mit den Condeschen Frauen in gutem Einvernehmen ftand, hatte ben schwachen mankelmuthigen Cheberen gegen ben Rachfolger Richelieu's

mißtrauisch gemacht. Go lange Mazarin an der Spite des Conseils ftebe, ließ

Ronigin Unna tonnte fich nicht entschließen, den Cardinal aus ihren Dien-

er fich bernehmen, werbe er teine Sigung mehr befuchen.

Mazarin ver-

sten zu entlassen. Sie glaubte, Karl I. von England habe deshalb Reich und Leben verloren, weil er fo fcmach gewesen sei, Strafford feinen Begnern preis ju geben. Eines folden Fehlers wollte fie fich nicht fculbig machen. Sie fuchte Beit gu 3. Bebr. 1651. gewinnen, indem fie bem Barlamente den Befcheid gab : fie wolle die Gefangenen in Freiheit seben, sobald die Herzogin von Longueville und Turenne ihrem Bundniß mit Spanien entfagt, die Baffen niedergelegt und Behorsam gelobt haben würden. Allein burch die agitatorische Thatigkeit der Frondeurs mar eine tief. gebende Bewegung in ber gangen Ration erzeugt worden. Das Parlament forderte nicht blos die Freilaffung der Pringen, fondern auch die Entfernung bes Carbinale. Bon allen Seiten wurden Abreffen in bemfelben Sinne an ben hof gerichtet; in Maueranschlägen und Flugschriften ward Mazarins Rame bem Bas und der Berachtung preisgegeben. Da glaubte die Regentin und der Minifter felbit, daß es gerathen fei, bem Strome ber öffentlichen Deinung fich zu fügen. In der Racht vom 6. auf den 7. Februar verließ der Cardinal die Sauptstadt; 7.8ebr. 1851. in Sabre de Grave fundigte er felbst ben gefangenen Bringen die Freilassung an und begab fich bann nach Roln an ben Bof bes ihm befreundeten Aurfürsten Maximilian Beinrich von Babern, in beffen Luftfolog Brubl er und fein ftatt liches Gefolge eine ehrenvolle Aufnahme und aufmerkame Behandlung fanden. Das Barifer Barlament fprach in heftigen Ausbruden feine Berbannung aus, ordnete eine gerichtliche Untersuchung über seine Berwaltung an und nahm seinen Balaft mit allen Schaten ber Runft und Biffenschaft in Befchlag. Benige Tage nachber tehrten bie Bringen und ihre Freunde nach Paris gurud. Bie im borbergebenden Sahre ihre Gefangensehung, fo wurde jest ihre Befreiung mit Freudenfeuer und Boltsjubel begrüßt.

Mazarin befaß die unwandelbare Gunft der Ronigin, die auch durch die Eren- Auguste. nung nicht gemindert ward. Durch feine Rathichlage beberrichte er jest von Roln aus ben frangonicen Bof eben fo unumfdrantt, wie borber in Baris, und Anna von Defterreich ward nicht mube, für die Rudtehr bes Gunftlings zu wirken. So auffallend war biefe ftandhafte Buneigung ber Regentin in jener Beit galanter Bubltunfte und wechselhafter Liebesverhaltniffe, bag man bon einem geheimen Chebund fprach. Als ber Ronigin das Gerücht zu Ohren tam, lachte fie barüber, indem fie fagte, Mazarin habe eine andere Leibenschaft als Frauenliebe. "Sie meinte, er fei ber italienischen Berirrung ber Sinnlichfeit ergeben." Es war nur au natürlich, daß fich die Regentin an die Rathschläge des Mannes hielt, von beffen Treue und Anhanglichkeit fie fest überzeugt war; benn in Baris felbst bewegte fie fich in einer unbeimlichen Atmosphare. Sie hatte zu Riemand Bertrauen und Riemand traute ihr. Orleans'iche Garben bewachten bas Schloß, bamit fie nicht etwa, wie man fich ins Dhr raunte, mit bem Ronig aus bem Reiche fliebe; fa groß mar der Argwohn, daß fie einft einige Bachter in die inneren Bemacher, wo der tonigliche Anabe fclief, führen mußte, damit fie fich von beffen Anwefenheit überzeugen konnten. Alles mas burch Richelieu und Magarin für die Bebung ber monarchischen Autorität erzielt worben, ichien wieber bem Untergange entgegen ju geben : Aus gang Frankreich waren Chelleute berbeigeftromt, um eine Abreffe fur die Entfernung des Cardinals einzureichen; als fie ihren 3wed erlangt hatten, blieben fie bereinigt, um Staatsreformen ju Gunften ihrer Standesintereffen gu berathen; ber Rlerus, ber gleichfalls feine regelmäßigen Berfammlungen um biefe Beit abhielt, ging von den religiöfen Fragen auf die politischen und firchenrechtlichen über. Beibe stellten ben Antrag, daß man die Generalftande wieder einberufe. Conde und Orleans magten nicht, Die Forderung unbedingt zurudzuweisen, wie wenig fie immer geneigt waren, barauf einzugeben. Boll gegenseitigen Distrauens auf einander fürchtete jeber, ber

andere möchte burch Bollegunft zu fleigen suchen. Auch bas Parlament wollte nichts bon Reformen boren; es gog bor, feine Dacht und Anterität mit bem Thron zu theilen, als von ben Beschlüffen eines Reichstags abhangig zu fein. Die größte Uneinigfeit aber herrschte unter ben Sauptern ber Fronde. Es war eine turze Berfohnung, welche ber Coabjutor und feine mannlichen und weib. lichen Genoffen mit der Condeschen Faction feierten: wie follte der ftolge Bring und seine Geschwister und Bermanbten mit ben bemagogischen Berfonlichkeiten. welche bie Saupturheber ihrer Gefangenschaft gewesen, einen Freundschafts. und Bruderbund schließen ? Bald ftanden bie Barteien einander so feindselig gegen: über wie zubor; auch ber Bergog von Orleans ließ fich burch ben gewandten Ranteschmied Ret auf die Geite ber alten Frondeurs gieben. In Rurgem mar die Parteiftellung eine abnliche wie vor ber Berhaftung ber Prinzen; die Konigin grollte dem bochfabrenden anmaßenden Abelsbaupte noch mehr als zupor: Ring. fchriften und Platate befchulbigten ibn verratherifcher Plane: er wolle bas Regiment an fich reißen, ben jungen Ronig unter Bormunbschaft halten, die beiden Souvernements Gupenne und Brobence fich aneignen, um dann bon seinen Anbangern in Languedoc, im westlichen Frantreich und in andern Brobingen unterftust und mit Spanien im Bunde, eine bictatorische Gewalt aufzurichren, wie einft Beinrich von Guise unter bem letten Balois. Conde mußte eines neuen Sewaltattes auf feine Preiheit und fein Leben gewärtig fein. Er zog fich auf fein Landgut St. Maur gurud und erflarte, bag er den Gigungen bes Confeil nicht eber anwohnen werde, bis die Rathe, burch welche Magarin von Brubl aus Frantreich regiere, entlaffen wurden. Benn er in Paris erschien, verduntelte er burch ben Glanz und die Menge feiner Dienerschaft, burch die Pracht seiner Caroffe, burch seinen Aufwand ben koniglichen Sof. Sollte Die Regentin fich eine folche Demuthigung gefallen laffen, ruhig jusehen, daß ein übermuthiger Unterthan ihr und bem Ronig offentlich Trop bot, fie in ber Freiheit ihrer Sandlungen, in ber Bahl ihrer Rathe beschrantte? Dies ertrug ihr ftolges Berg nicht. Sie naberte fich abermals ben Sauptern ber Fronde. Bieberum empfing fie ben Coadjutor in einer geheimen Audieng und ichloß mit ihm und feinen Gefährten ein Bundnis. Gie machte ihnen gewiffe Buficherungen, die ihren Chrgeis und ihre Gelbftsucht befriedigten, und empfing bafur von ihnen die Bufage, bag fie der Rudberufung Mazarins nichts in ben Beg legen wollten. Damit murbe eine neue Wendung in der Geschichte der Fronde eingeleitet, Raum für neue Rante und Barteiftellungen geschaffen, bas Barlament, welches auf feinem Berbannungsbefret beharrte, von den bisherigen Genoffen getrennt. Drei Fractionen, Die Condesche Gruppe, Ret und feine Genoffen und bas Varlament mit ber gefamm. ten Magiftratur im Gefolge, machten einander bas Terrain ftreitig, wo die Sonderintereffen mit bein Ronigthum um Berrichaft und Gieg rangen. Es war einft 21. Mug nahe baran, daß die Raume bes Juftigpalaftes mit blutigen Auftritten entweiht wurden, als der Pring mit bewaffnetem Gefolge bor ben Schranten erfchien, um

fich gegen die Antlage ber Regentin zu vertheidigen und der Coadintor mit tonig. lichem Ariegsvoll die Sache des hofes führte.

"Dies ift die Cooche", bemertt Rante, "in welcher die fo lange Reit burch eine farte und durchgreifende Gewalt gebundenen Gelfter, ba eine folde fehlte, fich wieder unabhangig neben einander bewegten, fo daß bas Allgemeine nichts weiter ju fein fchien als die gemeinschaftliche Angelegenheit der Einzelnen, die die hohen Stellungen einnahmen, der Staat nichts als ein Tummelplas ihrer Berbindungen und ihrer Feindschaften unter einander; in welcher bann geistreiche und ehrgeizige Frauen, bublerifc von Ratur und burch bie Liceng bes Jahrhunderts - ihre Canft mit Politik verbindend, wenn nicht bafür preisgebend, - entzweit ober verbundet ober vermittelnd Ginflus gewannen, eine Molle fpielten und eine noch grobere au fpielen meinten; wer hatte freien Sinn genug behalten, um die in einander laufenden mannichfaltigen Intereffen, die Bertnupfungen und Lösungen, die Truggewebe, die man spann, diesen berwidelten Rampf von Berichlagenheit und Leidenschaft in ihrem Geheimnis ju beobachten und ber Radwelt ju überliefern? Und wer wollte noch beute alle biefe gaben verfolgen und entwirren ?"

## 2. Cudmig XIV. unter Mazarins Ceitung.

Balb nach den brobenden Auftritten im Juftigpalaft wurde Ludwig XIV., Consis revober am 5. September in fein vierzehntes Jahr eingetreten war, in einer feier. Umtriebennt lichen Sitzung von bem Barlamente nach altem Ronigsrecht für volljährig erflart. Radiche. Dadurch war die Regentin ber Rothwendigfeit enthoben, die beiben nachften 7. Cept. Agnaten, den Bergog von Orleans uud den Bringen von Conde gur Ausübung ber bochften Gewalt beigugieben. Die Beranderungen im Ministerium, die fie fofort vornahm, ließen erkennen, daß fie nunmehr entschiedener als zuvor ihre eigenen Bege au geben gebente. Die Anbanger Conbe's, insbesonbere Chavigny wurden entlaffen und durch Manner ber Fronde und des Barlaments erfest: Chateauneuf trat an die Spipe bes Confeils und Matthieu Mole erhielt bas Reichsfiegel. Damit schnitt die Ronigin awischen bem Dof und bem Pringen vollends bes Tafeltuch entzwei. Seine Opposition hatte alle Schranten überfliegen, tropig war er fogar ber Großjährigkeiteerklarung feines Souberans fern geblieben. Diefe Stellung war nicht langer baltbar, er mußte einlenten ober aur bewaffneten Gelbsthülfe vorschreiten. Manche seiner Freunde und Berwandten, wie Longueville, Larochefoucauld, suchten ihn zurudzuhalten; aber fein Stolz und fein Bertrauen auf die Dacht feines Ramens und feiner Berfon riffen ibn fort. Er zählte auf seinen Anhang bei der Armee und unter dem Abel, auf den Beiftand seiner Freunde in Lothringen, in Subenne, fin allen Provinzen des Reichs, auf ben Rriegsruhm, bon bem er felbft und ber Bundesgenoffe feiner Schwester Turenne umstrahlt war, auf die oppositionellen und malcontenten Elemente in der Monarchie, welche die altnationalen Institutionen nicht durch den königlichen Absolutismus verdrängen laffen wollten, auf die Balfe ber fpanischen Bofe in Madrid und Bruffel, mit denen man übereingetommen mar, einen Frieden herbeizuführen, welcher beiden Rationen gerecht und billig mare.

Selbst an einen Anschluß an die Hugenotten und an ein Bundniß mit Eronnwell wurde gedacht. Conde's Rame war den reformirten Kreisen noch eine theure Erinnerung; ein Abgesandter des englischen Protectors kam nach Gupenne, um die Stimmung zu erforschen. Wie drohend indessen die Macht des Prinzen erscheinen mochte, als er von Bordeaux aus seine Getreuen ausbot und von allen Seiten mächtige Edelleute und Feldherren wie La Tremouille, Laforce, Marsin Daugsnon sich unter seine Fahne stellten; dennoch hatte das illoyale Borgeben, das eine könisliche Declaration als Maiestättnerhrechen erklärte, halb in sich zusam-

Det. 1651. eine tönigliche Declaration als Majestätsverbrechen erklärte, bald in sich zusammenfallen muffen, hätte nicht Königin Anna durch die Rückberufung Mazarins die Flamme heller angesacht. Auf den Minister hatte sich der ganze Bolkshaß entladen, er war als Verräther und Landesseind proseribirt worden und die Königin selbst hatte seine Verbannung bestätigt. Und nun verbreitete sich die Kunde, der verhaßte Staatsmann tresse Anstalten, an der Spipe eines Heeres nach Frankreich zurückzukehren. Eine große Aufregung bemächtigte sich aller Gemüther.

29. Deebt. Das Parlament sette einen Preis auf seinen Kopf und bestimmte, daß derfelbe aus dem Erlös seiner Bibliothet bezahlt werden sollte; der Herzog von Orleans wurde durch seine kriegerische Tochter, Mademoiselle de Montpensier, aus seiner schwankenden Haltung gerissen und in die Reihen der Opposition gedrängt. Er hosste seinem Schwager Karl von Lothringen mit spanischer Hülfe wieder sein Herzogthum zu verschaffen. Nie waren die Siegesaussichten des Prinzen von Conde glänzender, als im ersten Monat des neuen Jahres, da Mazarin bei dem

26. 3an. in Poitiers befindlichen Hofe eintraf und mit großen Ehren empfangen ward. Als Flüchtling war er weggezogen, mit einem ergebenen Heer, das er auf eigne Kosten geworben, kam er zurud; obwohl geächtet von dem obersten Gerichtshof nahm er wieder die Leitung der Staatsgeschäfte in die Hand. Selbst sein ebemaliger Widersacher, der Siegelbewahrer Molé, stellte sich ihm zu Diensten. Der alte Parlamentsrath war durch die schlimmen Ersahrungen der letzten Jahre zu der Einsicht gekommen, daß die Unumschränkheit der Königsgewalt weniger Unbeil schaffe, als die Zerrüttung des Staats durch Factionen.

Burgerfrieg.

Aber wie solle Mazarin, der wohl einen listigen verschlagenen Seist und diplomatische Sewandtheit besaß, aber wenig Ersahrung in Ariegssachen, sich gegen den ersten Feldherrn der Zeit und gegen eine widerspenstige Ration behaupten? Es mochte ihm wohl bange werden, als er vernahm, daß Condé, nachdem er für die Bertheidigung Supennes gesorgt, mit kriegerischem Gesolge sich nach der Loire in Bewegung geset, um sich mit den lothringischen und niederländischen Heerabtheilungen zu vereinigen, welche Karl von Nemours aus dem Hause Savohen-Lothringen und der Erzherzog Leopold Wilhelm von Cambrah aus herbeiführten, und daß die Haupstadt Paris, durch Neden und Flugschriften hisiger Demagogen ausgereizt, sich für die Prinzen erklärt habe und die Thore verschlossen halte. Der Minister verlor jedoch den Muth nicht. Er baute auf den rohalistischen Sinn der königlichen Truppen und hatte einen Feldherrn zur

Berfügung, ber bem Prinzen bas Gleichgewicht hielt. Es war ibm gelungen, ben Bicomte bon Eurenne bon ber Conde'ichen Partei abzugiehen und fur ben Eurenne fur Dienft bes Ronigs zu gewinnen. Auch beffen Bruber, ber Bergog von Bouillon trat auf die Seite bes hofes. So ging benn ber verstedte Rrieg in einen offenen über; von Parteiintriguen und Bungengefechten fchritt man gu ben Baffen. 3m Beerlager an ber Loire erwedte bie plotliche Erscheinung bes Bringen Muth und Begeifterung; ber Marich mar ein Deifterftud ftrategischer Runft. Seine Anbanger erwarteten eine fonelle fiegreiche Entscheidung: Conbé werde bas tonigliche Beer schlagen, Mutter und Sohn in feine Gewalt bringen, im Ramen bes Letteren das Regiment führen und mit seinen Freunden theilen. Aber der Erfolg entiprach nicht biefen guverfichtlichen Soffnungen. Die Bortbeile, Die Conde bei Bleneau durch rafches Borgeben über einen Theil ber königlichen Truppen babontrug, wurden ausgeglichen burch die feste Haltung Turennes mit der Haupt- 1652. armee bei Montargis. Der Bring gab ben weiteren Angriff auf und eilte nach Conbe in Baris, um in der aufgeregten hauptstadt, wo die friegsmuthige Tochter des Bergogs von Orleans die Burgerschaft gegen den Sof und den Minister unter die Baffen gerufen batte, einen energischen Biberftand ju organifiren. Das Parlament zeigte zwar wenig Begeifterung fur ben Dann, beffen Sanbe mit Burgerblut befledt waren, und ber mit Spanien im Bunde ftand, befto größer war die Gunft des unteren Boltes, dem das militärische Befen des Feldherrn imponirte. Aus ben Flugschriften ber Beit, von benen St. Aulaire Auszuge mittheilt, erfieht man, wie eifrig fich damals die Geister mit politischen und ftaatsrechtlichen Fragen befaßten, wie eingehend und lebhaft bie Formen bes Staats, bas Befen und der Begriff der Monarchie, die Grenglinien der Regierungsorgane, der Um. fang und die Tragweite ber souveranen Gewalten erörtert wurden : es war ber lette Rampf ber ftanbifden und ariftotratifden Sonderheiten gegenüber bem toniglichen Absolutismus. Als fich ber Rampf in ber Rabe von Paris jufam. mengog, erhoben fich in ber Stadt felbft revolutionare Scenen, welche an die Tage ber Lique erinnerten. Beaufort, jum Stragenbemagogen berabgefunten, führte mit einer aus ber Befe bes Bolles auserlesenen Banbe ein Schredens. regiment gegen die Danner bes Rechts, welche fich nicht bon bem Pringen und bem von seiner Tochter beberrichten Bergog von Orleans als Bertzeuge ber Rache gebrauchen laffen wollten, und gegen die Burgerwehr, die dem Parlamente fcutenb jur Seite ftand. Bie oft waren die Bofe, Gange und Sale des Juftigbalaftes ber Schauplas brutaler Auftritte und Angriffe!

So dauerten die inneren Parteitampfe begleitet von einzelnen Baffengangen Schlacht in im Belbe mehrere Monate fort: aber ber Bring, ber gegen ben auswartigen Feind St. Antoine. ftets fiegreich gewesen, hatte im Burgertrieg wenig Erfolg. Bei Etampes erlitten feine frangofisch-niederlandischen Truppen burch Turenne schwere Berlufte und als er, geschmacht burch ben Abzug bes Bergogs von Lothringen, ben ber Bof zu gewinnen gewußt, bei Charenton eine feste Bosition nehmen wollte, tam er durch die 2. Juli 1662.

tonigliche Reiterei fo fehr ine Bedrange, daß er fich eilig nach ber Borftadt St.

Untoine gurudieben mubte. Auf ausbrudlichen Befehl bes Sofes, ber feine Refibeng in St. Germain unfgeschlagen, entschlof fich Turenne ben Gegner in feinen gefcultzten Bofitionen anzugreifen, ebe er fich in ber Samptflabt vollends festaufegen vermochte. So tam es benn zu bem berfihmten, von St. Anfaire mit 2. Juli 1652. Ennitterifcher Unfdanlichfteit meifterhaft geschilberten Ereffen in ber Antominsvorstadt, jugleich Felbfclacht und Strafentampf. Rie bat ber Pring fo todesmuthige Tapferkeit gezeigt als bei Diefer Gelogenheit: mit Staub und Blut bebedt, zwei Biftolen in ben Banben, brang er gegen ben ffeind vor, ichredlich angufeben. Sein Freund Larochefoneaufd fant fchwer verwundet neben ihm nieber; in beiben Becelagern ließ mancher ritterliche Chelmann fein Leben im unseffigen Bruberfrieg. Conde fchien verloren, da bewirtte die Pringeffin von Montpenfier, Die für ben ritterlichen Mann leibenschaftliche Bewunderung und Buneigung im Bergen begte, bei ihrem Bater und bem Magiftrat ben Befehl. bag man ben Burndweichenben bie Stadtthore öffnete. Umter ben Ranonen ber Baftille, die fie felbst gegen die Buigliche Armee richten ließ, jogen fie in die inneren Theile, von wo aus Conde bie fpanifthen Bifffsteuppen jum fchleunigen Marfc antrieb, um ben Rampf zu ernenern. Bahrend ber Schlacht war bie Ronigin Anna auf ben Rnieen bor bem Mitar gelegen, um ben Beiftand bes Simmels anguffeben, inbeg ber junge Ronig in Burennes Beerlager auf ben Boben von Charonne bein Gefechte aufchaute.

Barteiung in ber Baupts ftabt.

Durch einen Att ber Ueberrafchung, burch eine Art Sanbstreich war Paris ftabt. ben Aufständischen in die Sande geliefert worden, und wie wenig unmer Municipalität und Parlament geneigt waren, fo entichieben gegen bie Regierung Bartei zu nehmen; für ben Angenblick war bie Stadt in ber Bewalt bes Prinzen und feiner Freunde. Er felbft war Befehlshaber ber Truppen, ber Bergog won Orleans Generalftatthalter; Brouffel Prévot bes Marchands; Beaufort, mun Bouverneur ber Stadt erhoben, bewirfte burch feine Demagogenfünfte und feine Banbe, bag ber Rame Magarin bei ber unteren Boltstlaffe ftets ein Gegenftand bes Haffes und Abicheus blieb. Unter ber Macht bes Terrorismus, ben bie fürftlichen Barteibaupter und ber Barifer Bobel übten, wurde auf bem Ratb. haufe bie Union ber Stabtbeforben, des Parlamente und ber Pringen vollzogen. Die Renten und bas ftabtifche Bermogen tonnen in die Banbe ber revolutionaren Gewalthaber. Go berrichte benn mehrere Monate lang in Paris ein Buftand wie zur Beit der Lique, nur mit weniger Leidenfchaftlichkeit und ohne Die Bluth bes Fanatismus. Aber wie follte ein Barteitampf auf Die Daner befieben, dem jede hobere Ibee, jedes einheitliche nationale Intereffe abging, beffen Führer fo verschieben an Charafter und Gefinnung waren? Der Bring befat deine ber bemagogifden Eigenfchaften, burch bie einft bie Suifen über bas Bolt geboten : burch und burch Militar verachtete er bie flabtifche Menge, bie wie eine Betterfahne fich hin und ber bewegte; ber Bertehr nit ben Rathsherren, welche mit

Alten und Rechtsurfunden flatt mit Baffen fochten, war feiner Ratur gumider, im Schlachtgewühl, wo das ftarre Commandowart entschieb, war seine Stelle. Der Bergog von Orleans hatte nie einen eigenen Billen gezeigt, einen Enfichluß feftgehalten; Beaufort, "ber Ronig ber Ballen" befas nur Ginfluß bei ber großen Maffe, Die burch bas Schlagmort "Mazeriner" fich in Wuth und Bewegung bringen Aeben. Go tam es benn, bag in bem boberen und mittleren Burgerstand allmählich die royalistische Besinnung die Oberhand gewann. Es bildete nd eine Bartei, die beimlich mit dem Gof in St. Germain in Berbindung trat und einen Kriegsplan verabredete. Magarin willigte ein, fich aus ber Rabe des hofes zu entfernen; er begab fich nach Rheims, bann nach Sedan. Seine Berbindung mit St. Germain wurde badurch fo wenig unterhrechen wie zur Zeit feines Aufenthaltes in Brubl : aber die Monalisten in Baris tonnten nun rühmen, daß der Hof aus Friedensliebe dem Bolle das große Bugeftandniß gemacht habe; jest verlor der Rame die Bedeutung eines Schlachtrufes. Und als auf den Rath des Minifters ber Ronig allen benen, die gum Gehorfam gurudtehren wurden, eine Amneftie verhieß, fo wuchs die Babl ber Berfohnungemanner mehr und mehr; fie machten fich einander kenntlich durch ein Abgelchen; bei Bablen in den Stadtrath hielten fie ausammen, fie verweigerten die Steuern und suchten auch Andere wan der Bahlung abzuhalten. Die fortbauernde Berbindung bes Prinzen mit Spanien, dem Landesfeind, entfremdete ihm mehr aus mehr alle patrio. tifden Bürger.

Die Folgen machten fich balb bemerthar: Als ber Gof bas Parlament Gofe nach nach Pomtoife verlegte, folgte die Mehrzahl ber Rathe der Ladung; und wah. i. August rend die fmanische Bulfsammee, mit benen Beistand ber Bring das tonigliche Be- 1652. lagerungsbeer merudaubrangen hoffte, durch außere Schwierigkeiten vom Borruden abgehalten ward, fandte die Parifer Burgerichaft, Die nuter ben Rriegs. beschwerben emfäglich au leiben hatte, eine Deputation nach St. Germain, um ben Ronig au erfuchen, seine Refidenz wieder nach ber alten Sauptftadt au berlegen. Da hielt fich Conde nicht mehr ficher in Paris. Mit einer Drohung, daß die Stadt den gemilinschten Frieden noch nicht fo halb erhalten werde, zog er ab, nu an der Sniche feiner Erneben, benen fich auch der wetterwendische 14. Dit. Bergog von Lothringen wieder anschloß, bas fpanifche Beer an ber niederlanbifchen Grenze zu erreichen. Balb baranf traf ber Dof feine Anftalten zur Rud: behr. Mit Jubel empfing die Narifer Burgerschaft ben jugendlichen Ronig, ber an der Spige feiner Garbe nach dem Loudne ritt. Der Bergog von Orleans 21. Dit überfandte ihm die Schliffel des Lugembourg, wo die bisherige Regierung ihren Sip gehabt hatte, und falgte abne Beigerung dem Befehle, die Hauptftadt gu meiden und in Blois feinen Bohnfis aufzuschlagen. Beaufart und andere Baupter ber Fronde unterwarfen fich au nechter Beit und erlangten Bergeihung; nur ber Coadintor, ber turg gunor den Cardinalshut empfangen und unter bem Soupe feiner geiftlichen Burbe feine Demagogenkunfte noch fortfette, ichien ein

19. Decbr. | 1652. Majarin's Einzug in Baris, Ers löschen ber Fronde.

zu gefährliches Haupt, als daß man ihn straflos laffen durfte. Bei einem Be19. Decht. suche im Louvre wurde er verhaftet und im Kerker von Bincennes eingeschloffen.

Am Anfang bes neuen Jahres schien die Rube und Ordnung in ber Saupt-

Einzug in ftabt fo weit hergestellt, daß ber Gof an die Rudberufung Mazarins benten loffden ber tonnte. Bie ein Triumphirender nahte fich der einft fo Gehafte und Geschniahte bem Site ber Berrichaft. Un ben Thoren von Baris empfing ibn ber Ronig an 3. gefr. der Spipe des frangofifchen Abels und führte ihn in seinem eigenen Bagen nach ber Stadt. Sein feierlicher Einzug und feine Einsetzung in fein fruberes Amt war bas Signal, bas die absolute Ronigsmacht mit Bulfe ber Militargewalt über alle ftanbischen und corporativen Autoritaten gefiegt habe und daß ber Bille bes Monarchen fürder als unbeschränktes Geset gelte. Zwar wurde die Conde: fche Fronde mit Bulfe Spaniens, bas fich mit der Sache ber Pringen enge berbunden hatte, noch einige Beit in Bewegung gehalten; als aber in Gupenne, wo bie Familie den ftartften Rudhalt hatte, Bring Conti fich von dem altern Bruder und von ber Schwester Longueville trennte und burch feine Bermählung mit einer ber Richten des Cardinals die Butunft des Sauses an die neue Ordnung tnüpfte, ging der Stern Condes im Suden dem Riedergang zu. Roch im Berbste Aug. 1863. des Jahres 1653 nahmen die königlichen Truppen Befig von Bordeaux, während Condés Gemablin fich nach Spanien flüchtete, die Bergogin von Longueville eine

andere Bufluchtsftätte suchte. Condebelben Länger und energischer

Bortgang leiftete: allein wie fehr er immer feinen Kriegsmuth und fein militarisches Calent entfalten mochte, er tonnte nicht verhindern, bag bie ichwer bebrangte Stadt Arras durch ben Belbenmuth ber Garnifon bem frangofischen Reiche erhalten blieb und daß Stenay bem Ronig übergeben mard, ber furz zuvor in Rheinis 7. Juni 1864. feine prachtvolle Aronung gefeiert hatte. Die Uneinigkeit zwischen bem Erzbergog Leopold Bilhelm und bem Pringen hinderte ben Fortgang ber Baffen. Der spanische Oberstatthalter wollte den franzöfischen Flüchtling, der in Paris wegen Felonie und Majeftateverlegung feines Ranges, feiner Guter und Burben berluftig erklart worden war, nicht als Oberbefehlshaber bes Gesammtheers anertennen. Bald fah fich ber Erzherzog jum Rudzug genothigt. In feinem Quartier nahm einige Beit nachher ber sechzehnjährige Ludwig XIV. sein Rachtlager, "von einem Borgefühl friegerischer Große angehaucht." Auch als ber Graf Barcourt aus bem Sause Lothringen, ber bem Sofe lange wichtige Dienste im Feld geleiftet bann aber aus gefranktem Chrgeiz fich von Mazarin abgewendet hatte, ben Bersuch machte, mit spanischer und faiferlicher Sulfe ben Elfaß an fic ju bringen und ale Reichsfürft barin die Anerkennung ju erlangen, icheiterte er an der Treue der frangösischen Befagungetruppen von Philippsburg, die dem König mehr Ergebenheit zeigten als bem General. Sarcourt mußte froh fein, von Mazarin leibliche Bedingungen als Preis feiner Unterwerfung zu erlangen.

Länger und energischer war der Widerstand, den der Pring felbft im Norden

Bei folder hingebung des heeres und ber Ration an das neugefestigte Sieg vol Ro-Ronigthum war es dem hof besonders widerwartig, das das Barlament immer noch bei manchen Gelegenbeiten seinen ftorrischen Sinn tund gab. Es nahm fich der flädtischen Rentner an, als die Regierung ihnen ein Quartal der Bezüge gurnachalten wollte; es bestritt nachträglich bie Gultigkeit eines Stempelfteuerebilts, beffen Eintragung Mazarin burch ein Lit de Juftice erzwungen batte; es widersette fich wie unter der Regentschaft allen finanziellen Uebergriffen. Da war es, wie erzählt wird, daß Ludwig XIV., von Bincennes zurudlehrend in Reifelleid 18. April und Stiefeln, einen grauen but auf bem Ropfe und die Reitgerte in ber Sand. in bem Sigungefaale erfchien und die Bollgiehung bes Chittes ohne weitere Discuffionen befahl. Die Opposition gegen eine Berordnung über bas Dungwefen wurde burch die Berbannung einiger Mitglieder beseitigt. Bon ber Beit an war der Sieg ber absoluten Monarchie entschieden, und Ludwig XIV. tonnte ben Grundfat jur Geltung bringen: "Der Staat bin ich" (l'état c'est moi). "Im Segensat mit den Berfündigungen der Fronde tam nunmehr die Doctrin von dem leidenden Gehorfam auf, nach welcher es dem Bolte, and wenn es von seinem Fürften Unrecht leibet, barum boch nicht frei ftebt, bie Baffen genen ibn zu ergreifen, weil dies noch viel größere lebelstände bervorbringen wurde; einen Fürsten burfe man nicht nach ben Regeln bes Bribatlebens richten; man werbe einen Strom nicht troden legen wollen, weil er fich juweilen über feine Ufer ergieße."

Segen den Cardinal von Res trug Mazarin fortwährend Groll im Herzen. Als Der Cardinach dem Tode des Oheims das Rapitel den Sefangenen als dessen rechtmäßigen Rachfolger anersannte, sieß er ihn von Bincennes nach Rantes verbringen und bewirtte, daß die erzbischsichen Rechte von Bicaren versehen wurden. Ach entsam durch glückliche Flucht nach Italien und legte Sinsprache gegen das ungesehliche Bersahren ein. Er sei von Gottes und Rechtes wegen zum Erzbisch von Paris eingeseht und keine Racht der Belt vermöge ihn seiner geistlichen Burde zu berauben. Er richtete jedoch wenig auß: troß aller Berwendungen von Seiten des Klerus wurde er von Amt und Baterland fern gehalten und mußte endlich gegen anderweitige Entschädigung seinen Ansprüchen auf den erzbischsichen Stuhl von Paris entsagen. Erk im Jahre 1662 durste er nach Frankreich zurückteren und karb 1679.

Richt minder erfolgreich und durchgreifend war Mazarins auswärtige Politik. Mazarins Burde auch ein Angriff Turenne's und Laferte's auf die Festung Balenciennes Bolitik. Durch die vereinten Anstrengungen des Prinzen Conde und des neuen Gouderneurs Don Juan, eines natürlichen Sohnes Philipps IV., mit glänzendem Erfolg zurückgeschlagen; so gewann dagegen der französische Minister solchen Einsluß Intlied den Gedan, dei den deutschen Fürsten, daß er bei dem Tode Ferdinands III. auf den Gedan, den seinen konmen konnte, ob es nicht möglich wäre, die Kaiserkrone dem König Ludwig XIV. zuzuwenden; und wenn er auch den Plan als unausssührbar dalb ausgab, setzte er es doch durch, daß die geistlichen Kurfürsten, der Pfalzgraf und mehrere andere deutsche Fürsten mit Frankreich und Schweden eine "rheinische

Allianz" schossen zur Erhaltung aller in Munfter festgesetzten Bestimmungen und 19.3uli 1658 daß bem neuen Kaifer Geopold in ber Bahleapitulation die Bedingung gestellt ward, er dürfe keinem Feinde Frankreichs Borfchub geben und insonderheit den Spaniern in Flandern keine Kriegsbulfe leiften. Einen noch größeren Er-

Per 1867. folg errang die Politik des französtschen Ministers durch einen Kriegsbund mit England. Freiklich vermochte er die Freundschaft Cromwells nur durch schwere Bugeständnisse zu erlangen: er mußte die Stuarts, die Berwandten der Bourbons und ihre Begleiter aus dem Reiche weisen, nunfte dem Protector versprechen, daß die den französischen Reformirten gewährten Friedensbedingungen gehalten würden, und mußte einwilligen, daß die Geestadt Dünkirchen, wenn sie mit vereinten Kräften den Spaniern entrissen sein wurde, der englischen Republik unter-

worfen werden sollte. Dafüt hatte er den Triumph, daß durch die geschickte Kriegführung Turennes und die Tapferkeit des englischen Hulfsbeeres nicht nur Inni 1658. Dünkirchen für England, sondern auch Grävelingen, Dudenarde, Spern und eine Reihe anderer Orte für Frankreich erobert wurden. Run wünschte Spanien Frieden zu schließen, und Mazarin theilte den Wunsch. Er wußte, wie sehr die Klerikalen in Frankreich ihm zurnten, daß er die katholische Stadt Dünkirch, und den protestantischen Protector abgetreten; wie schwert der französische Abel es ertrug, daß der Prinz von Condé, der auch im feindlichen Geerlager die alte Tapferkeit und Kriegskunst so glänzend bewährte, durch den fremden Empor-

Tapferkeit und Ariegskunst so glanzend bewährte, durch den fremden Emportömmuling von der Heimat und den Freunden fern gehalten ward. Roch hatte der bourbonische Prinz viele mächtige Anhänger; ein Erfolg im Felde konnte sie leicht wieder unter die Wassen führen, den schlummernden Geist der Fronde ausse Reue weden. Und wie dann, wenn es der englische Protector vortheilhafter sinden sollte, die Bundesgenossenschaft, von der die Entscheidung des Arieges wesentlich abhing, zu wechseln! Hätte man sich in Madrid entschließen können, in Beziehung auf religiöse Toleranz in der spanischen Monarchie und auf freien Handel mit den Staaten der neuen Welt der englischen Republik Jugeständnisse zu machen, so würde Cromwell kein Bedenken getragen haben, eine andere nationale Politik zu ergreisen. Denn es lag nicht im Interesse Englands, den aufstrebenden Rachbarstaat "mit den Spollen von Spanien zu verstärken." Rur der Welgerung des Madrider Cabinets, in diesen beiden Hauptfragen von der Tradition abzuweichen, war es zuzuschreiben, das das englisch-französische Bündnis

Der pprends ifche Friebe.

Unter solchen Umständen glaubte Mazarin im Interesse des Staats und der Regierung zu handeln, wenn er mit Spanien einen Frieden herbeiführe. Der Lod Cromwells am 3. September 1658 erleichterte sein Borhaben. Run tonnte er ohne Rucksicht auf einen mächtigen Berbundeten mit dem Madrider Hof directe Verhandlungen antnupsen. Sein Hauptziel war, dem französischen Reich nach Außen eine Grenzerweiterung, nach Innen Rube und Ordnung, der herrschen-

fortbestand. Der spanische Gefandte foll ertlart baben, bas beige fo viel, als

die beiden Augen feines Ronigs forbern."

ben Dynaftie eine gesicherte und hoffnungsreiche Butunft zu verschaffen. Schon langft trug er fich mit bem Gebauten, burch eine Bermablung bes jungen Ronigs mit ber Infantin Maria Thereffa, ber Tochter Philipps IV. eine nabere Berbindung amifchen ben Rachbarreichen au begrunden, ben Frieden ber beiben Rationen durch dynaftische Alliangen zu befestigen. Es gereicht ihm zum Rubme, daß er babei ben Bortheil Frantreichs feinen perfonlichen Intereffen borgog. Der junge Ronig namlich batte fein Berg ber Richte Magarins. Marie Mancini angewendet; er wechselte feurige Blebesbriefe mit ihr und fie hielt es nicht für unmog. lich, bes Ronigs Chegemahl zu werben, wie febr auch Anna bon Defterreich bagegen arbeitete. Aber ber Minifter befampfte bie Reigung. Er entfernte bie iunge Dame nach Larochelle und indem er bem Monarchen gu Gemuthe fuhrte, Sott habe bie Ronige eingesett, um für die Bablfahrt, die Sicherheit und die Rube ber Unterthanen zu leben, bewirtte er burch feine Ermahnungen und Borftellungen, baß ber tonigliche Jungling feine Reigung bem Staatswohl zum Opfer brachte. Rachbem biefe Sauptichwierigkeit überwunden war, tam ber Friede, ben beibe Bolfer mit Gebnfucht verlangten, balb ju Stande. Er wurde auf einer tleinen Insel bes Rugdens Bibaffoa, von der nicht ausgemacht mar, zu welchem von beiden Reichen fle gebore, unter großem Geprange und einer mertwurbigen Entfaltung von Bracht und Stilette amifchen bem Carbinal und bem fvanischen Dinifter Don Luis de Baro abgefchloffen. Durch diefen "pprenäischen Frieden" 7. Rov. 1660. erhielt Frankreich im Rorben Artois mit ber wichtigen Stadt Arras, mehrere Blage in Mandern und Luxemburg, befonders Thionville und Avesne, und in Lothringen, welches bem unruhigen Bergog Rarl IV. gurudgegeben warb, Stabt und Schloß Stenat und mehrere anbere Plage. Auch follten die Feftungswerte von Rancy geschleift und nie wieber aufgebaut werden; im Guben blieb Frantreich im Befit von Rouffillon mit Cerbagne und Conflans und bem gangen Landfrich bis auf die Sobe ber Burenden; im Gudoften von der vielumftrittenen Alpenfestung Pignerol, bem Schlüffel ju Italien. Dafür versprach Magarin, ben Portugiefen teinen Beiftand mehr zu leiften und bem Pringen von Conbe feinen Rang, feine Burben im Staat und am Bof und bas Gouvernement Burgund gurudgugeben. Lange ftraubte fich ber Carbinal in ben Checontratt bie Bergichtleiftung ber Infantin auf die Erbfolge in allen gur fpanifchen Monarchie gehörigen Ländern aufzunehmen; aber in Madrid war ohne biefe Bedingung bie Bermablung und ber Friede nicht zu erzielen. Doch wußten die Frangofen in ben Bertrag eine Claufel einzubringen, welche für tunftige Anspruche eine Thure offen bielt: die Gultigfeit ber Bergichtleiftung nämlich murbe an die punttliche Ausgahlung der bedungenen Mitgift von 500,000 Goldthalern in drei Terminen gefnüpft. Und wenn ber Sabsburger Dannftamm in Spanien erloften follte, fonnten bann nicht unter veranderten Berbaltniffen Rechte ber Bluteverwandtichaft erhoben und bei ber Ration geltend gemacht werben? Go trug bie Bermahlung Ludwigs XIV, mit der Infantin Maria Theresta, die nach einer mit der gangen

luni inn Bifette eine der skaptallerne deronnerellner die neben fiede u. St. Jean de die afferen warde, den Samen merciaer Cremerie in Samen.

21 .....

Die geminiche friede wer Martines eines Bert. der Monting eine en afolgseichen gefittigen Thirtiften. Seine seinneligen **Gegier ungen fin de**r dir mo terben nach einer Gunt. Cinte, we fan gene Leine aus underfanden fatte, nache nuch eine Bermitteinig mit fürzierner de Cont des Emigs a rlanger, Benefort rug us Beres einer Gulbening die Biede eines Minister 14868; mis wie Linde 5 Briden ber Britt min Linit fic mit wier Aine bes dardinals vernault fette, is ward ber imgene Sonn der Bendames. Kergag ber Moreover um ve fand einer andem Samehenmaner, son denne, Charrie Monden, fellen aus Car mit ben Beinen im Sammen-Surgann, Confex ber Borflond, mit mucke die Minner murene Sinne, muer benen der pingfie, Berri Eugen, ben größten Aufen erzielte. Emge ne ben körig in biebe Gunt. Die de poter in Unanade und nacht ibrei Aufenmar in Britte. Eliminus Schrefer, die ichane Hornenia, mag dezer hund eine Eur. I. das England zur der feiner Berbannung gestrebt, um fei dudumt der Bestumt des Manfiere liebesten que Mettererlangung femes submitten Turmes qu seriduffen. war die Gemelhin ses Marques da Melleune genuchen, mit ber der Ame und das Mappen des Cheuns übergung. Co murden die Timmer der beiden an geringe italianishe Edellane accharachea Edimeira Alapanis une des area Adeishampten, jo son Angehörigen der Conneinen Comfes in die Che begeber und mit sen Nachthamern Frankrechs uisgefanne, mit ein Curtus war miding genag. tiefen Benvendten die hichiten und entrate civies Stautstaner gugunenden. Court erhelt die Birde eines Couverneurs in Linqueduc, Mercoeux wier Prosence, Confons in der Champagne: La Tenterine mar zum Antisiger feines Naters, des Marichalls, in der Bretagne und in der Gestimerierichert der Arnillerie Mimmt. Beinen Reffen, ben Marquis Maxein: feste ber Exchenti jum Erben bes Bergraffjums Revers ein. Bie in der Politif, fo harr Rogern auch in dem Streben nach haben Familienverbindungen und im Sammein von Rechtfamern und men Cafigen ber ftunfe und Biffenichaft fich feinen Borganger Richelten jum Borfelb genommen und ihn noch überboten. Und wie derfer genoß er auch bes grobten Aniehens nach Aufen und im Junern; fein Anftreten in den Staatsschieben wie im Brivatleben alich dem eines fürfilichen Berrichers. "Roch in feinen letten Jahren erfchien er als ein fattlicher Dann von brannem lodigem Erweihode, breiter und hoher Stirn, forgfältig in feinem Meugern, von jener Mitte bes Ausbruds, die man an gebildeten Italienern bemerkt, gewinnend und hard eigene Mube Die Andern bernhigend." Bie felten ein Sterblicher mar Das wein nom Blud begunftigt; er hat über alle seine Bidersacher triumphirt ohne 1646 er mie fem Borganger zu blutigen Dagregeln hatte fcreiten muffen. In den antgeregieten burgerlichen Unruhen murbe fein Schaffot aufgerichtet. Alles mar ihm win Glid ausgeschlagen, fo daß ihm Richts unerreichbar vorlam. Er trug

fich fogar mit bem ftolgen Gebanten, er tonnte die Tiara auf fein Saupt bringen. "Auch barin, bag Magarin in vollem Genug von Burbe, Dacht, Reichthum und Anfeben binging, faben die Menfchen eine Fortfegung beffelben Gludes, das ihn von Anfang an begleitet hatte." Denn fein Tod trat in dem Angenblide ein, als Ludwig seiner überdruffig zu werden anfing und fich febnte, die Bugel ber Berrichaft in die eigene ftarte Sand ju nehmen. Magarin felbft fcheint eine Ahnung davon gehabt zu haben; als ber Sohn bes Minifters Brienne ben Rranten einft mit ben Borten troften wollte, daß Riemand in Frankreich feinen Tod wünsche, erhielt er zur Antwort: Giner wünscht ihn. Im sechzigsten Sabre feines Lebens ftarb Magarin mit Sinterlaffung eines unermeglichen Bermogens, 9. Mars bas er burch Memterbaufung, burch eigennutige Ausbeutung feiner Stellung, durch Sabgier und Gewinnfucht gefammelt, werthvoller Bucher und Runftwerte, an benen er wie Richelieu Gefallen hatte, und herrlicher Balafte und Garten. Seine Bibliothet vermachte er dem von ihm gegrundeten und reich botirten "Collegium ber vier Rationen" wo junge Chelleute aus ben in ben beiden Friedensfoluffen abgetretenen Landichaften erzogen und zu Frangofen gebilbet werben follten.

# B. Das britische Reich unter den ersten Stuarts und als Republik.

Literatur. Außer ben icon mehrfach angeführten Berten über bie Gefammigefchichte En g. lands son Rapin be Thopras, Bume, Lingard, Madintofh, Ballam, Rante, ben Sammelwerten bon Strope, Billins, Romer u. a. (X, 574. XI, 500) tommen für die Stuartiche Beit ber erften Berlobe besonders in Betracht : 1. Die alteren Berte : The annals of k. James I. and Charles I. (1612-1642) Lond. 1681 fol. -- A. Wilsons history of Great-Br. being the life and reign of k. James I. Lond. 1653 fol. — 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from 1641 to 1660) by Edw. Hyde Earl of Claren don Oxf. 1702-1704. 3 voll. fol. und bamit jufammenbangend : Ed. Clarendon State-Papers. voll. 1-3. Oxf. 1767-86. fol. - Whitelock, memorials of the English affair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I. to Charles II. his restoration. Lond. 1732. fol. — Rushworth, historical collections, beginning from 1618 to 1644. Lond. 1680—1692. 6 voll. in fol. — J. Thurloe, a collection of state-papers (1638-1660) Lond. 1742. 7 voll. fol. - Memoirs of Lieut. Gen. Ludlow. Vevay 1699. - M. Noble's memoirs of the Protect. of Cromwell. Birmingh. 1784. 2 voll. — 2. Die neueren Sammelwerte: Guisot, Collection des mémoir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Angleterre Par. 1823 ff. 26 voll. (baneben von bemselben: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d'Angleterre Par. 1824. 28. 2 voll. hist. de la républ. d'Angl. et de Cromwell (1649-58) Brux. 1854. 2 voll. unb Monk, chute de la républ. et r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en Angl. Brux. 1851. hist. du protect. de Rich. Cromw. 1856. — H. Cary, memorials of the great civil war in Engld. from 1646-1652. Lond. 1842. 2 voll. -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Rob. Baillie

(1637-62) ed. Dav. Laing. Edinb. 1841. 42. 3 voll. 40. - Thom. Carlyle, Oliver Cromwell. Letters and speeches with elucidations; 2. edit. Lond. 1846. 3 voll. -The Fairfax Correspondence; memoirs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I. Lond. 1848. 2 voll. 80. — Rob. Bell, memorials of the civil war, comprising the corresp. of the Fairfax family. Lond. 1849. 2 voll. - El. Warburton, mem. of prince Rupert and the Cavaliers. Lond. 1849. 3 voll. — Studies and Illustrations of the great rebellion by John Langton Sanford Lond. 1858. — Figure: Cobbett, Parliamentary history Lond. 1803—11. 20 voll. — Brody, hist. of the Brit. empire (1625—1660) 1822. 4 voll. - W. Godwin, his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E. 1824. 4 voll. - Memoirs of the life of Colonel Hutchinson. 5. edit. Lond. 1846. — Spalding, the history of the troubles and memorable transactions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from 1624-45. Edinb. 1828. 29. 2 voll. 40. - Sirmonds d'Ewes, Autobiogr. and corresp. during the reigns of James I. and Charles I. ed Halliwell. Lond. 1845. 2 voll. - Gardiner, a history of England under the duke of Buckingham and Charles I. Lond. 1875. 2 voll. - Die Lebensgeschichten Cromwells von Billemain (Paris 1819. 2 voll. Deutsch von Berly Leipzig 1830), von Merle baubigne (Baris und Genf 1849), von Moris Carriere (Dift. Safc. Leipzig 1851). - Dahlmann, Gefc. ber engl. Revolution. 5. Aufl. Leipzig 1853. - Ueber bie tirchen gefchichtliche Literatur findet man bie vollftanbigen Radweifungen in ber Einleitung gu bem Bud von Berm. Beingarten : Die Revolutionstirchen Englands. Leipzig 1868. (Dazu noch bie Abhandlung vom Sahre 1861 : Independentismus und Quaterthum) und fur die altere Beriode in dem Auffage: "Englifde hiftoriographie über Reformation und Rirche" in G. Beber: Bur Gefch. Des Reformations. Beitalt. Leipzig 1874. — Bon Th. B. Macaulay's hist. of England Lond. 1849 ff. 3. Edit. 5 voll. (auch in beuticher Uebersetung v. 28. Befeler, Steger u. a.) behandelt nur das erfte einleitende Rapitel die Beriode bis 1660. Bon monographifchen Abhandlungen wurden benutt: Die "Effays" von bemfelben Macaulay, (Damben, Bungan, Bacon, Milton u. a.), R. Bauli, Auffage jur engl. Gefdichte Leipzig 1869. ("Cavaliere und Rundtopfe",. A. Stern, Briefe Engl. Flüchtl. in der Schweiz. Gott. 1874. — Bei der englischen Literatur- und Culturgefdichte biefer Beriode wurden außer ben icon IX. 307 angeführten Schriften ju Grunde gelegt: über Bacon und Dobbet: Runo Sifcher, Frang Bacon von Berulam. Die Realphil, und ihr Beitalter, Beipzig 1874, 2. Aufl. Ueber Milton; Die Brofafdriften berausgegeben von 3. A. St. 3o bn Bond. 1848. 3 voll. (nach ihrer bift. polit, Bebeutung beurtheilt in bem ermannten Buch von G. Beber: Bur Gefch. bes Ref. Beitalt. "Sohn Milton und die engl. Revolutionezeit zc.) Poetical works of J. Milton Lond. 1838. Das Berl. Barad. D. von Citner Dilbburgh. 1867. Biefe, Milt. Berl. Barad. Berl. 1863. Sodann die Monographie von Treitfote: in "hift. und polit. Auffage". 4. Auft. Leipzig 1871., von R. Pauli, in ben ermahnten Auffagen u. a. G. Butlers Dubibras in ber Sammlung Engl. Boeten bon Johnson; auch mehrfach ins D. überfest von Goltau, Gruber, Cifelein u. a.

#### I. Die Regierung Conig Jacobs I.

1. Nationale und kirchliche Opposition. Die Pulververschwörung.

Maria Stuart hatte fich ihr ganges Leben hindurch angestrengt, ihr Erbrecht 3acobs Reauf den englischen Thron gur Anerkennung und Geltung gu bringen; als fie im antritt. Schloffe Fotheringap ben Tobesftreich empfing, mar es mehr als je unficher, wer der tinderlofen Ronigin Elifabeth in bem Berricheramt folgen murbe. Bir wiffen aus früheren Blattern, wie viele Mube fich ihr Sohn Jacob gegeben bat, die englische Monarchin ju bewegen, bas große Staatsgeheimniß zu enthullen und die Ungewißheit, in welcher er felbft und die gesammte britifche Ration fcmebte, an gerftreuen. Umfonft. Glifabeth beharrte bel ihrem Schweigen; es regten fich fogar Breifel, ob fie wirtlich ben um ihr Sterbelager verfammelten Rathen ben schottischen König in bestimmten Maren Worten als ihren Nachfolger bezeichnet babe. Man mußte nur, daß fie in vertrauten Rreisen fich mehrfach in diefem Sinne ansgesprochen. Dennoch ging die Thronbesteigung bes Stuart ohne Biberftand und Störung vor fich. Die einflugreichften Mitglieber bes geheimen Rathes, in erfter Linie Robert Cecil, die Saupter des Abels, die tatho. lifche Partei, bas anglicanische Bolt, Alle bezeugten ihre Freude und Bufriedenbeit, als am Lobestag Elifabethe Die Berolde Jacob Stuart, Ronig von Schott- 24. Marg land als Ronig von England und Irland ausriefen. Auch Arabella Stuart, Darnley's Bruderstochter, die unter Elisabethe Regierung fo oft als tunftige Thronfolgerin genannt worden war, erhob teine Anspruche und Riemand machte einen Berfuch, fie als Rronpratenbentin bem Better entgegenzustellen. Go ging bas große Ereigniß, das faft ein halbes Sahrhundert die Gemuther in tieffter Erregung gehalten batte, rubig und ohne alle Gewaltsamtett vorüber. Berfohnt nahm Jacob von dem in ber Rirche versammelten Bolte von Cbinburg Abschied, um bon der neuen Berrichaft Befit ju ergrelfen; mit freudigen Rundgebungen wurde er bei feinem Einzug in England, in bem reichen Lande Gofen, wie er es nannte, alleuthalben empfangen. Schon in Berwid foll er ben Gebanten ausgesprochen haben, fortan als Ronig von Großbritannien und Irland über bas gange Inselreich zu herrschen. Gine neue Mera bes Friedens und ber Tolerang follte mit feiner Thronbesteigung anbrechen. Er fügte bem geheimen Rathe einige schottische Mitglieder bei und suchte bei allen religiofen und politischen Parteien bas Bertrauen zu erweden, bag er Alle mit gleicher Gerechtigkeit behandeln werbe. Er war erfüllt von dem Gedanten, die verschiedenen Bolferstamme ber beiben Königreiche zu einem einzigen großen Ganzen mit politischer und religiöser Uniformitat zu bereinigen.

Aber jur Berwirklichung einer folden 3bee batte es eines gang anbern cob 1. 1603 Mannes bedurft, als der erfte Stuart war. Richt nur baß die verschiebenen -1626. Stamme und Bolterschaften, welche im Laufe ber Jahre außerlich zu ber britifchen und Eige

Nation verbunden worden, weit entfernt maren, auch innerlich fich als Bruder und Benoffen beffelben Boltes ju fublen, bas bie teltischen, angelfachfischen, normannischen Clemente immer noch ein lebendiges Stammesgefühl in fich trugen; wie follten fich die firchlichen Barteien, die Römischtatholischen, die Anglicaner, Die Bresbyterianer und Buritaner, Die für ihre Glaubensbegriffe Diefelben Rechte, biefelbe Geltung beanspruchten, zu einer Union zusammenschließen, in einer Beit ba die religiöfen Ibeen noch eine fo große Dacht im Staatsleben bilbeten und von jeder Glaubensgenoffenschaft Tolerang gegen Andersgefinnte nicht als eine Tugend, fondern als ein Preisgeben der Bahrheit angefeben mard? Und am wenigsten besaß Jacob I. die Eigenschaften, ein folches Bert ber nationalen und religiöfen Uniformitat zu begründen. Bir haben ben Sohn ber Maria Stuart, ber bon ber Anmuth und Genialitat feiner Mutter feine Spur in fich trug, in ben früheren Blattern binreichend fennen gelernt. (XI, 550 ff. ) Er war von der Natur forperlich und geiftig verfürzt worden. Mit haflicher Geftalt, ungragiofem Befen und Bernachläffigung aller feineren Umgangeformen verband er einen beschränften Berftand, einen unbegrenzten Bochmuth und eine verschrobene Bilbung. Ueber Theorien sinnend war er in ben Staats- und Berwaltungegeschäften weder gewandt noch erfahren und oft ohne Theilnahme und Interesse bafür. Für die altenglische Verfassung hatte er wenig Achtung und Berftanbniß. Aufgewachsen unter bem Gegante ber presbyterianischen Prediger seiner schottischen Beimath mar er besonders mit theologischer Gelehrsamkeit ausgeruftet und befaßte fich gerne mit firchlichen Streitfragen. Bei Disputationen ftand er in biblifchen Beweisführungen feinem Geiftlichen nach. Die weitschichtigen Berte bes Jesuiten Bellarmin bat er mehr als einmal burchgearbeitet und Die Rirchenvater und Concilienaften grundlich ftubirt. Aber fein Beift hatte eine einseitige pedantische Richtung genommen ; mabrend er in Rede und Schrift mit feiner Schulgelehrfamteit pruntte, mar er als Staatsmann und Berricher in furgnichtiger Verblendung und in Borurtheilen befangen. Bon ber Ronigsmacht begte er die übertriebenften Borftellungen; er war fest überzeugt, daß fie unmittels bar von Gott herrühre und unumfdrankt fei, und fuchte die Beweise bafur im Alten Testament. Roch ebe er ben Thron von England bestieg, hatte er eine Schrift "bas mahre Gefet freier Monarchien" in biefem Sinne verfaßt. Das Erbkonigthum galt ihm als gottliche Unordnung; unbedingter Behorfam ber Unterthauen als heiligste Pflicht. Darum war ihm die presbyterianische Rirche Schottlands, in der er erzogen worden, in der Seele verhaßt, weil nach ihren bemotratischen Grundsagen von der Bleichheit Aller vor Gott der Ronig mit dem geringsten Bliede ber Rirchengemeinde auf gleicher Linie stand. Er meinte, bie presbyterianische Rirchenform vertrage fich mit einer Monarchie so wenig als Gott mit bem Teufel. Gegen die tatholische Rirche hatte er innerlich Richts einguwenden als "daß fie den Papft an den Plat stellte, welcher allein dem Ronig gebührte". Um fo mehr war bagegen die englische Episcopalkirche, wonach der

Ronig als Quelle aller geiftlichen Macht und Autorität, als Ausleger und Berfundiger der religiöfen Bahrheit erschien, nach feinem Sinne, und die anglicani. ichen Bischofe trugen burch ihre Schmeichelei und Devotion nicht wenig bei, den eiteln Monarchen in Diefer Auffaffung ju bestärken. Gie priefen ibn als "zweiten Salomo" und verehrten feine Borte als hobere Ausspruche.

C

Benn die Buritaner die Goffnung begten, der in den gleichen firchlichen Anfichten Die Rirdenerzogene Ronig murbe fich bulbfamer gegen fie erweifen, als Elifabeth, murbe bas lung in bifcoflice 3och, bas fo fcmer auf ihnen laftete, erleichtern; fo follten fie bald ent. Campton taufcht werden. Schon auf der Rirchenberfammlung ju Damptoncourt, die er im erften Dezbr. 1804. Sahr nach feiner Thronbesteigung einberief und zu welcher auch einige Saupter ber puritanischen Richtung beigezogen wurden, erklarte Jacob, daß er die kirchliche Uniformitat, wie fie unter feiner Borgangerin gefehlich begründet worben, festhalten werde. Bie der Moderator einer fcottischen Spnode leitete er ben Gang der Berhandlungen und führte ben Borfis. Rie werde er jugeben, verficherte er, daß in dem Glaubensbekenntniß, in den Formen des Gottesbienftes oder der Rirchenverfaffung eine Menderung vorgenommen werde. Segen die Buritaner außerte er, nimmermehr werde er eine presbyterianifde Rirchenordnung gestatten, nach welcher Jad und Tom und Bill und Did Sochstras in den Sigungen den Ronig und den geheimen Rath und all ihr Thun einem Ruge- bengen. gericht zu unterziehen wagten. Schon bei diefer Belegenheit sprach Jacob ben Grundsas aus "tein Bifcof, tein Ronig", ein Grundfas, der fortan der Bablfpruch aller Stuarts geblieben ift und den Rampf gegen die widerftrebenden Anfichten der Presbyterianer und Buritaner in den Mittelpuntt ihrer ereignisvollen Geschichte rudte. Bald barauf murde bas Commonpraperboot mit einigen unwesentlichen Beranderungen neu herausgegeben und als allgemeine gottesdienstliche Ordnung aufgestellt, und den firchlichen Gesetzen, wie fie aus den Berathungen der Convocation bervorgegangen waren, für das ganze Reich unbedingte Geltung jugefprochen. In benfelben mar ber tonigliche Supremat über die Rirche in den icarfften Ausbruden hervorgehoben. Damit mar die Lofung jum religiofen Rampf gegeben. Jacob begann diefen Rampf damit, daß er in England die puritanischen Geiftlichen jur Ableiftung bes Suprematseides auffordern ließ; wer fich weigerte, wurde feiner Pfarrftelle entfest. In Schottland wurde die bereits begonnene Errichtung des Episcopats (XI. 579) weiter geführt, indem der König dreizehn Predigern den Bischofstitel beilegte, fie ju Borfigern der Synoden und Presbyterien machte und ihnen durch englische Bijcofe die Beibe ertheilen lief. Bergebens widerfeste fich die schottifche Seiftlichkeit insbesondere der carafterfeste Andreas Dels ville, diefer Reuerung aus allen Kräften: Sacob nöthigte die einflußreichsten Saupter der Opposition zur Flucht ins Musland. Diese unterließen jedoch nicht, in heftigen Schriften ihren Biderwillen gegen die Abweichung "bon ihrem heiligen Gottesbundnif" tund ju geben und ben presbyterianifchen Geift bei ihren Landsleuten ju nahren. Balb erhielten die Bischöfe auch höheren Gehalt; und als Jacob mit der Beit es durchsete, daß das icottische Parlament benfelben geiftliche Berichtsbarkeit gutheilte und bas Befet aufftellte, daß die Brediger bem Ronig ben Suprematseid ju leiften und ben Bifcofen Gehorfam zu foworen hatten, da foien in Schottland bas Episcopalfystem für immer die popular-puritanische Rirche des ftrengen Anog überwunden ju haben. John Spottiswood, der Rirdenhiftoriter, ein fanfter rubiger Mann, aber überzeugt von den Borgugen des Episcopalspstems, erhielt den erzbischöflichen Stuhl von St. Andrews.

Richt überall fand der Eifer des Königs für die kirchliche Uniformität Das erfte Billigung und Anertennung. Elisabeth batte bas religiose und politische Leben Dary 1601.

in zu enge Feffeln geschlagen, als bag nicht die englische Ration batte verfucht fein follen, der Freiheit des Gewiffens und ben Rechten des Bolts wieder einigen Raum zu icaffen. Bie entgegentoinmend immer bas erfte Barlament, bas Jacob im Marg 1604 um fich versammelte, fich bem neuen Regimente zeigte, indem es sofort das Successionsrecht bes schottischen Ronigs anerkannte und ihm bas "Tonnen- und Pfundgeld" b. b. die Einnahme der Bolle wie feinen Borfahren auf Lebenszeit bewilligte; fo tonnte man boch einige Borgeichen fünftiger Stürme gewahren. Inbem Jacob feine Berebfamteit anftrengte, bas unumfchrantte Recht ber Ronige zu erweisen, erinnerte er bie englische Nation an bas ihrige. Die puritanische Sache hatte manche offene oder geheine Bertreter, die uch mehr und mehr geltend machten; und bei einigen Fragen tonnte man die Abficht gewahren, der gesetzgebenden Dacht die Rechte gurudzuerobern, welche unter ben Plantagenets bestanden und von den Tudors vielfach verlett und geschwächt worden. Bei der Brufung der Bablen stellte bas Unterhaus den Grundsatz auf, daß die Regierung nicht berechtigt sei, einen Abgeordneten, beffen Bahl beanstandet werde, jurudjuweifen, fondern daß der Berjammlung felbst das Urtheil über die Bultigteit auftebe. Auch ber neue Titel "Rönig von Großbritannien und Irland" fand teine Buftimmung. Die Broclamation, welche die Ration bamit bekannt machen jollte, mußte gurudgehalten werben. Dem bynaftifden Plane bes Ronigs, bie Bevölkerung beider Lander als eine einzige gleichberechtigte Ration unter feinem Scepter zu vereinigen, stellte bas Parlament den Sat entgegen, bag bie beiben Rrouen getrennte Souveranetaten und bie Gefetgebungen beiber ganber unvereinbar seien", Gelbft die gewichtige Autoritat bes Lordfanzlers Bacon vermochte bas Saus nicht umzustimmen. Auch bie Gerichte sprachen fich fur biefe Auffaffung aus.

**Leuß**ere Rollief

Noch weniger erfrente fich die außere Politit des neuen Ronias der allaemeinen Buftimmung. Wenn Jacob eine Regierung bes Friedens in Ausnicht ftellte und damit zu erkennen gab, daß er andere Bege zu wandeln gesonnen fei, als Elisabeth, fo mar dies feineswegs im Sinne ber englischen Ration. Denn wie schwer auch die Herrscherhand ber jungfraulichen Königin bie und da auf dem Bolle lasten mochte, ihre Regierung galt doch als der Blanzpunkt der englischen Geschichte, als das Beitalter bes Ruhmes, ber Chre, bes nationalen Aufschwunge. Ce erregte also teine angenehmen Gefühle, daß König Jacob nichts Siligeres 34 thun wußte, als mit Spanien, bas man fo lange als ben beftigsten Feind Englands gehaßt und bekämpft hatte, Frieden zu schließen. Damit war ein Aufgeben der vereinigten Riederlander verbunden, mit denen Elisabeth in Bundnif und Freundschaft gestanden, die aber Jacob als Rebellen gegen ihren legitimen Dberheren betrachtete; ber überfeeische Sandel, ber gerade im Rampf mit jener Macht in die Bobe gekommen, wurde in feiner Rraft gelähmt; die einträgliche Freibeuterei, welche kihne Geemanner und Piraten auf eigene Sand in ben transatlantifchen Getraffern trieben, mußte aufhoren; mit Beinrich IV. bon Frantreich, ber feinen erften Minifter, Bethune, Bergog von Gully zur Begrußung des neuen Ronigs über ben Ranal fandte, tonnte tein aufrichtiges Bundniß fortbeftehen, ba biefer hochstrebenbe Monarch and nach bem Frieden von Bervins im icharfften Gegenfas zu Spanien fand und Die Befampfung ber habsburger Braponberang ale feine wichtigste Lebensaufgabe anfah. Bubem war es tein Beheimniß, daß die mahre Quelle der Friedeneliebe bes Stuart feine Burchtfamfeit mar. Es fehlte ihm aller Sinn für militarifches Berbienft; Manner von fühnem Unternehmungsgeift waren ihm unbeimlich. Gin Fürft, ben ber Unblid eines blogen Schwertes gittern machte, tonnte einer ritterlichen Ration teine hobe Meinung von Math und Mannhaftigleit einfloßen. Babrend auf bem Continent großartige Rampfe im Entstehen waren, mußten die Englander mußig zuschauen, wie die Gollander, ihre fruheren Berbandeten, burch Baffenthaten und Schifffahrt an einer Beltmacht einvorffiegen und wie in Deutschland ihre Glaubeusgenoffen, ja fogar die Tochter des eigenen Infellandes durch daffelbe fpamisch-öftereichische Haus, mit bem ber Romig in Frieden leben wollte, niedergeworfen wurden. Dafür hatte denn freifich Jacob den Triumph, fein legitimes Thronrocht auch von ber ersten katholifchen Dacht anerkannt zu seben.

Es bernerte nicht lange, fo gab fich bie Migftinmung in compiratorifchen Confpirato-Umtrieben tund, wie fie in ben festen Regierungsfahren ber Ronigin Glifabeth triebe. Gir die Gemilther fo oft in Unruhe und Aufregung gefett hatten. Das rathfelhafte Raleigh. Complott, als beffen Urheber ober Theilnehmer ber als Geschichtschreiber, Seefahrer und Staetsmann berühmte Gir Balter Raleigh bezeichnet ward, hatte wahrschrinfich einen abnilden 3wed wie einft bas Unternehmen bes Grufen Effer, nämlich ben Konig ju nothigen, feine Rathe, insbefondere Robert Ceril gn entfernen und ein anderes Regierungssoftem in Anwendung zu bringen, vielleicht and die Rrone auf ein anderes haupt ju fegen. Arabella Stuart, fcon unter Elifabeth ber Gegenstand bes Argwohnes und fo weler ehrgeizigen Mane und Bewerbungen, lebte noch unvermählt in Sondon, von Hofe gurudgesett. Man fagte Rakeigh nach, er habe im Geheimen für ihre Theonorhebung gewirkt. Mehrere Manner von Rang, Martham, Broot, die Bords Cobham und Gren, beren ehrfüchtige Erwartungen und Ansprudhe nicht in Erfüllung gegangen waren, wurden ofe Rabeleführer genannt. Ihr Borhaben ward verrathen. Rach einem haftigen Gerichtsverfahren, wie die Geschichte Englands in jener Beit ber Gab. rung viele aufzuweisen hat, wuchen die Angellagten für schuldig erkannt und zum Tobe, vernetheilt. Brout und mehrere undere furben von der Hand bes Nachrichters; Gree und Bulter Rafeige wurden auf bein Schaffet durch ben Sanig begnadigt und in ben Cower eingeschloffen, Martham in Die Berbaumung geschickt. Bodeigh hatte feine Bertheibigung fo übergengend geführt, daß man nicht an feine Shulb glaubte. Denusch mußte er'wierzehn Jahre im Gefängniß fcmachten, bargerlich tobt, aber guiftig woll Leben und Thatigfoit.

Die Pulver: verfchted: rung. 1605.

Schon in dieses Complot waren mehrere tatholische Briefter verflochten und 1803. mußten mit dem Leben bußen. Es war aber nur das Borspiel zu dem großen Ereignis, bas unter bem Ramen ber "Bulberverschwörung" in ber englischen Geschichte bekannt ift. Bir wiffen, daß Jacob als Konig von Schottland stets den Ratholiken angethan mar, so weit es der Argwohn der presbyterianischen Beiftlichen ihm gestattete. In noch haberem Grade theilte die Konigin diese Rich: tung: fie begte Sympathien fur bas Papftthum, ftand mit bem Runtius in Paris in Berbindung, vermied sogar, wo fie konnte, den protestantischen Gottesdienft. Es war daher natürlich, daß die Ratholiken Englands von der neuen Regierung Freiheit bes Gewiffens und burgerliche Rechtsgleichbeit erwarteten. Auch wurde bereits erwähnt, daß Jacob, fo lange noch feine Thronfolge in England unficher war, ihnen Berfprechungen gemacht, Dulbung oder boch Befreiung von den Strafgeseten in Ausficht gestellt hatte. Sobald aber die Krone fest auf seinem Baupte faß, und er bes tatholischen Beiftandes nicht niehr bedurfte, gedachte er nicht weiter dieser Busagen, theils weil er die firchliche Uniformität durchzuführen entschloffen war, theils weil er und seine Minister einsahen, daß bas Parlament nie in ein Tolerangstatut willigen wurde. So blieben benn die Strafgesetze gegen alle Ronconformiften und Recufanten, wenn gleich mit einigen Erleichterungen in Birtfamkeit. Bie unter ber Königin Elifabeth wurden auch jest bon ben tatholifden Richtübereinstimmern Strafgelber erhoben, tatholifde Briefter, Die ben Suprematseid weigerten, ins Gefangnig geworfen. Darüber geriethen die getaufchten Ratholiten in Buth, und da fie weber von Spanien, feitbem diese Macht mit bem Ronig Frieden geschloffen und ihn für eine Alliang ju gewinnen suchte, noch von dem Baufte, welcher von den tatholicirenden Tendengen der Berricherfamilie bie Berftellung feiner Autorität erhoffte, irgend eine Bulfe ju erwarten batten, fo beschloffen fie auf gewaltsamem Bege einen Umfturg zu bewirken. Einige angesehene Männer von Rang und Bermögen, wie die Tresham und Catesby in Rorthampton und ihre Berwandten die Binters in Suddington, welche durch die Strafgesete besonders hart getroffen wurden, wie Thomas Bercy, ein Bermandter bes Bergogs von Rorthumberland, welcher einft die Berbindung des Konigs von Schottland mit den englischen Ratholiten vermittelt hatte und nun erbittert war, bag die Bersprechungen, die er in deffen Ramen feinen Glaubensgenoffen gemacht, nicht erfüllt worden, wie John und Chriftopher Bhrigt, zwei verwegene fampfluftige Brüder aus einer von Bort ftammenden Familie, bildeten im Einverftandniß mit einigen Sesuitenmiffionaren, insbefondere bem Superior Benry Barnet ein Complot von fo wilder und graufamer Ratur, daß es den fcmarzesten Unthaten des Fanatismus, die wir in dem vorigen Bande tennen gelernt haben, an die Seite geseht werden darf. Ein Mordanschlag gegen den Rönig, wie er einige Sahre später in Frankreich ausgeführt wurde, war ihnen nicht genügend; mit bem Ronig follten zugleich feine bochften Bof- und Staatsbeamten fammt bem Thronerben, follten zugleich die Mitglieder bes Parlamentes, Lords wie Ge-

meine, bem Untergange geweiht werben. Rach langen geheimen Berathungen tamen fie überein, bei der Biedereröffnung bes Parlaments, wenn die Saupter ber Regierung und die Mitglieder ber gesetgebenden Gewalt in feierlicher Situng versammelt sein wurden, bas Saus burch eine Bulbererplosion in die Luft ju fprengen. Die Ermordung Darnleps durch Bothwell im einsamen Rloftergebande bei Cbinburg, womit bas Unglud ber Maria Stuart und ber beiden Reiche begonnen, hatte fich ber Phantafie bes Boltes mit unauslöschlichen Bugen eingepragt. Schon unter Glifabeth war einmal ein abnlicher Blan aufgetaucht, aber nicht zur Ausführung getommen. Jest follte ber Sohn baffelbe Schicfal erleiben, bem einft ber Bater erlegen. Buerft erwarb Berch ein an bas Parlaments. gebaude ftogendes Saus, um nach Durchbrechung ber Brifchenmauer bas Borhaben auszuführen. Aber balb bot fich ben Berschwornen ein geeigneterer Blan dar. Das unter dem Parlamentshause befindliche Rellergewolbe mar ge rabe jum Bermiethen ausgeboten; fie brachten es an fich und ichafften eine große Menge Bulver hinein. In ber Bermirrung, die dem Schlage folgen murbe, gedachten fie die Regierung in ber Art ju andern, daß mabrend der Minderjabrig. keit bes jungeren Sohnes ober ber Tochter Jacobs eine Regentschaft mit einem Protector aus ihrer Mitte errichtet werben follte. Ihr Bertrauen festen fie auf ein englisches Regiment, bas in Flandern diente und gang unter ber Leitung jesuitischer Priefter war. Baldwin, ein englischer Fanatiter bes Orbens und Dwen, ein Rriegsmann gleicher Gefinnung ftanden mit ben Berfcwornen in Berbindung und mußten um den Anfchlag. Gin entschlossener Offizier des Regiments, Sup Fawtes, feste über ben Canal, um bei der Ausführung mitzuwirken. Als die Beit herannahte, da das Barlament eröffnet werden follte, fliegen in einigen ber Theilnehmer Bedenten barüber auf, baß babei auch mancher tatholifch gefinnte Mann feinen Lob finden follte; nicht alle waren von fo bitterem Grolle erfüllt wie Catesby, der ba meinte, die Lords feien Meinmen und Atheisten, es fei beffer, bag fraftigere Manner an ihre Stelle traten. Rurg bor bem entichet. benden Tag erhielt Lord Mounteagle, ein fatholischer Ebelmann, einen anonymen Brief, ber in geheimnisvollen Ausbruden ibm ben Rath gab, fich von ber Eröffnung bes Parlaments fern zu halten. Diefer theilte bas Schreiben bem leitenben Minifter mit, ber bann die Sache bor ben Ronig und ben gebeimen Rath brachte. Jacob felbft ruhmte fich, "burch gottliche Erleuchtung" ben mabren Sinn bes duntlen Ausbruck bon einem "furchtbaren Schlag", ber bas Parlament treffen werbe, errathen zu haben; und da auch bereits von Paris aus der Regierung Barnungen jugegangen waren bor bem Borhaben einiger "besperaten Beuchler", fo wurden Rachforschungen angestellt, welche zur Entbedung führten. Sup Fawtes ward über ben Borbereitungen ergriffen. Ohne Burudhaltung geftand er fein Borhaben ein, in beffen Erfüllung er eine religiöse Pflicht erblickte. Er ftarb auf bem Schaffot. Die andern Theilnehmer, etwa bundert an der Babl, entflohen nach Bales, um unter ben tatholifchen Ginwohnern diefes Gebirgslandes einen Aufftand zu erregen. Aber ihr Unternehmen schlug fehl. Mehrere ber Führer, wie Bercy, Catesby, Die beiben Bhrigts fuchten und fanden ihren Tob in vereintem Biberftand gegen die bewaffnete Macht, welche ber Sheriff ber Graffcaft Borcefter ins Feld führte, andere, darunter Thomas Binter wurden gefangen und buften ihr frevelhaftes Beginnen mit dem Tobe. Auch Garnet ftarb in Folge gerichtlichen Urtheils auf dem Schaffot. Roch bis zur Stunde feiert bas englische Bolt bas Andenten an die Pulververschwörung und Gun Fawles burch höhnende Aufzüge und Mummereien.

Als im Sanuar bes folgenden Sahres das Parlament zusammentrat, wur-3an. 1806, ben icharfe Gefehe gegen alle tatholischen Recusanten Englands erlaffen : Richt nur, daß fie den alten Geldstrafen unterworfen und bon allen öffentlichen Aemtern and Richterstellen ausgeschloffen fein follten; es wurde ihnen auch ein "Gib ber Treue" auferlegt, in dem fie geloben mußten, fich burch teine Bebote ober Egcommunicationen bes papftlichen Stubles jur Untreue gegen ben Ronig verführen an laffen. Sie follten ber Lehre abfagen, "baß ein Papft burch firchliche Autoritat bas Recht habe, einen König abzuseten, seine Unterthanen von bem Treueib loszusprechen" und sollten die Behauptung, "daß Fürsten, die ber Papft erconmunicirt habe, bon ihren Unterthanen beseitigt und getobtet werben tonnten", als gottlos und teperifc verdammen. Auch follte Seder, der in fremde Dienste gehe, bor feiner Abreife ben Suprematseid ablegen und versprechen, fich nicht mit bem Bapftthum auszufohnen. Gegen biefe Gibleistung erhob ber ftrenge Rirchenfürst Baul V. Ginfprache. Als er vernahm, bag ber Ergpriefter Bladwall fich dazu bereit zeigte und auch andere in diesem Sinne ermahnte, erklarte er, daß der Eid vieles enthalte, mas dem Glauben widerspreche und ohne Befährbung bes Seelenheils von teinem gläubigen Ratholifen abgelegt werden durfe. Darüber entftand ein Streit, in welchem Jacob felbft gur Bertheidigung feiner Rechte gegen die jesuitischen und ultramontanen Anfechtungen die Feder ergriff.

Bider seine Reigung und seine friedfertigen Absichten sab er fich durch die öffente liche Stimme und um feiner Gelbsterhaltung willen jum Rampfe gegen die

Brlanb.

Ratholiten und Papisten fortgeriffen. In Irland erhob Sugh D'Reill, Graf von Throne (XI, 511, 586), der bei der . Rachricht von dem Tode der Glifabeth feine Unterwerfung bereute und ohne Sweifel geheime Runde von dem tatholischen Complet erhalten hatte, abermals die Sahne der 1607. Emporung. Im Bunde mit Rory D'Donnell und andern Gefinnungsgenoffen gedachte er fich des Caftells von Dublin ju bemächtigen und fich fo lange ju halten, bis der Papft den "Kampen des tatholischen Glaubens" hulfe von dem Zestlande erwirkt haben wurde. Aber bas Unternehmen mislang. Die Berfdwornen ergriffen die Flucht. Rach langem Umberirren an ber Rifte entlamen fie auf einem Schiffe nach Frankreich. Sugh D'Reill begab fich nach Rom, wo er neun Jahre fpater farb, ein mehr als fiebengig-

jähriger Greis, des Augenlichts beraubt, arm, verlaffen, ein nuglofer entbehrlicher Roftganger des papstlichen Stuhles. Gin erneuerter Aufstand seines Berbundeten D'Dogberty hatte eben fo wenig Erfolg. Jacob jog die Guter der D'Reills, D'Donnells und ber andern Insurgenten ein und war von der Beit an bedacht, das wehrlose, ver-

# I. Großbritannien unter Ronig Jacob I.

muftete und ausgehungerte Inselland ber britifden Regierung fügfamer ju machen. Indem er bas englische Gerichtswefen einführte, Die confiscirten Guter der in die Berfoworung verflochtenen Sauptlinge als verfallene Rronlehne an fic nahm und an englifde Colonisten vertaufte, fowachte er die Dacht des irifden Abels und brachte Gelb in feine Raffe. Go tamen die meiften ganbereien in Ulfter und an der Rufte bon Dublin bis Baterford an englische protestantische Grundberren, die als Fremblinge und als Feinde bes' tatholischen Glaubens von dem irischen Bolle mit Buth und grollendem Bergen aufgenommen wurden.

#### 2. Stellung zum Ausland. Der fpanische geirathsplan.

Auch in Spanien empfand man Berdruß, daß Ronig Jacob fich fo ent- England und ichieben der antipapstlichen Richtung aumandte und bas Bekenntnig ber romifchtatholischen Religion, deffen Bertheidigung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und Ration von jeber als ihre wichtigste politische Mission angesehen, mit Strafgesehen belegte. Man erinnerte fich, bag Maria Stuart, für ben Fall bag ihr Sohn fich nicht jum alten Glauben betehre ihr Reich und ihr Recht auf den fpanischen Monarchen übertragen hatte. Doch hielt man in Madrid mit diefen Gefühlen und hintergebanten gurud, um bei ber berrichenben Aufregung in Deutschland und dem Streite über die julichclevische Erbfolge (XI, 802 f.) ben englischen Ronig nicht in die Urme Frankreichs ju brangen. Bielmehr geschah es eben fo gut aus Rudficht fur ben Stuart wie fur ben Bourbon, daß fich die fpanische Regierung au ber awölfjährigen Rriegseinstellung mit ben bereinigten Rieber, 1000. landen berbeiließ (XI, 673). Aber wenn gleich amifchen ben Gofen von Escorial und Greenwich außerlich ein freundschaftliches Berhaltniß obzuwalten ichien, fo nahm barum die alte Abneigung ber englischen Ration gegen Spanien, ben Erbfeind ihrer Religion und ihres Staates nicht ab; vielmehr war die Antipathie gegen die tatholische Bormacht burch die Bulperverschwörung gefteigert worden; und als Beinrich IV., von bem Robert Cecil fagte, "er fei wie die Borbut gegen die Conspirationen gewesen", bem Dolche eines papistischen Fanatiters erlag, war es ber Bunich Englands, daß Jacob an beffen Stelle bie Rührung ber antitatholischen Partei in Europa übernehmen mochte. Besonders war Robert Cecil, jest jum Grafen von Salisbury erhoben, ber Fürsprecher diefer Politit, die er gleichsam als Familienerbe von feinem Bater Billiam überkommen batte. Go viel vermochte bas bobe Ansehen des fleinen vermachsenen Mannes mit bein geistvollen Angeficht, ber burch die Ueberlegenheit seines Berftandes und feiner Erfahrung im geheimen Rathe ben erften Blat einnahm und bem fein unermegliches Bermogen eine unabhangige Stellung gab, bag ber Ronig, für beffen Gelbbedurfniffe er als Großschapmeifter und Borfteber bes Bupillenhofes freigebig ju forgen mußte, eine Beitlang mit ben Riederlandern und den evangelifchen Furften Deutschlands ging, ja daß er feine Tochter Elifa. beth mit bem jungen Rurfürsten Friedrich von der Pfalz vermählte (XI, 796).

24. Mai Baid nachher ftarb Cecil, wenig betrauert von dem Monarchen, der es ungern ertrug, daß ber Minister burch bie Sobeit seines Beiftes ihn verdunkelte und gleichsam ju einem "Schattentonig" herabbrudte, und nun gewannen andere Ginfluffe und Stimmungen die Oberhand. Die spanisch-französische Doppelheirath führte den Madrider Bof zu dem Gedanten, durch ein gleiches Familienband auch England in das Sabsburgifche Intereffe zu ziehen. Der fpanifche Gefandte machte in London die bertrauliche Mittheilung, daß man in Mabrid einer Bermablung des Bringen bon Bales mit einer Infantin nicht entgegen fein wurde. Bas tonnte bem ftolgen Stuart erwüuschter fein, als wenn eine Fürstin erften Ranges die Gemablin feines Sohnes murbe? und wie fcmeichelte ber Rönigin die Idee einer Familienverbindung mit bem erlauchteften Saufe ber Bring v. Bas let Arone, hatte einen andern Sinn. Ihm schwebte bas Beispiel der Konigin Elifabeth por Augen: in Uebereinftimmung mit bem Benius bes Boltes wollte er England ju ber erften Dacht bes protestantischen Europa erheben, burch Baffengewalt und Schiffahrt fein Land groß machen, was nur im Gegenfat ju Spanien geschehen konnte. Er begunftigte die Colonisation im nördlichen America und bewirtte, bag fein Bater ber weftindischen Gefellicaft ausgebehnte Freibriefe ertheilte, wodurch die Anfiedelungen in Birginien und andern Orten wesentlich geförbert wurden. Er bachte an eine Bermählung mit einer Tochter bes Bergogs bon Saboben, ber fich ben beutschen Unionsfürsten genähert hatte und ber ipanischen Politik feindlich gefinnt war. Aber jum großen Schmerze bes englischen Boltes ftarb der hoffnungevolle Ronigesohn, "bie Bluthe feines Saufes" vor ber

17. Nov. Beit, und sein jüngerer Bruder Karl, der mehr. des Vaters Sinn und Ratur besaß, wurde Prinz von Bales, ein Fürst von weniger Selbständigkeit und Charaktersestigkeit als der Erstgeborne und in seinem dynastischen Stolze gleichgültig gegen die Gunst und die Meinung des Volkes. Bald nachher starb auch Arabella Stuart im Tower, ein Opfer grausamer Staatsraison. Sie hatte sich der gebotenen Chelosigkeit durch heimliche Vermählung mit Bill. Sehmour, einem Berwandten, zu entziehen gesucht, war aber auf der Flucht nach Frankteich ergriffen und auf Lebenszeit in Haft gehalten worden.

Bon ber Zeit an gingen die Wege der Regierung und der englischen Ration immer weiter auseinander. Wir werden bald in einem andern Zusammenhang von der zunehmenden Entzweiung zwischen Krone und Parlament erfahren. Richt wenig trugen dazu die Günftlinge bei, die bei Hofe mehr und mehr Einfluß gewannen. Wir wissen, welches Wohlgefallen Jacob Stuart an jungen Männern von schöner Gestalt und hingebendem Wesen empfand; schon in Schottland hatte er solche in seiner Kähe gehabt und ihnen großen Einfluß auf seine Regierung Somerfet gestattet (XI, 539). So gewann nun auch ein schottischer Edelmann, Robert und bie Comp Land Bestehn fein erwaß Lutzung Gestalt und

Dewards. Carr Lord Rochester, sein ganzes Zutrauen; ber König erhob ihn zum Carl von Somerset, überschüttete ihn mit Ehren und Reichthumern und gab ihm eine

Stellung, wie fie Robert Cecil beseffen. Auf ben Landhaufern, auf benen Jacob fo gerne verweilte, um ber Faltenjagd und feinen gelehrten Studien ungeftort fich widmen au tonnen, genoß Somerfet bes bochften Bertrauens und griff entscheidend in den Gang ber Regierung ein. Und wie wenig war ber Gunftling einer folden Bevorzugung murbig! Richt nur, bag er ben Ronig zu einer politischen Baltung antrieb, die ibn immer weiter bon b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abführte; er gab auch durch feinen Lebenswandel Anftos. Er ftrebte, fei es aus Chraeig, fei es aus brennender Leidenschaft nach ber Band ber Francisca So. ward, der Gemablin des jungen Grafen Effer und brachte es dabin, daß die Che getrennt und die Geliebte ihm vermählt wurde. Die Howards waren bon jeher bei dem englischen Bolte verhaßt; und nun fah man diefe Familie neue Macht und neues Unseben gewinnen. Sie theilte mit bem Gunftling ben bochften Einfluß bei hof und in ber Regierung. henry howard, Graf von Rorthamp. ton, ber Großschapmeifter Thomas Howard, Graf von Suffolt, Bater ber Francisca, und Robert Carr murben als "bie Triumbirn von England" bezeichnet. Der Groll, ben die Anhanger bes Grafen Effer gegen ben hoffartigen Emportommling und feine Parteigenoffen begten, trug fich auf ben Ronig und ben Bof über. Und ber Ausgang ber frevelhaft geschloffenen Che war gang geschaffen, biefen Groll zu rechtfertigen und in weitere Rreise zu tragen. Francisca Howard, icon, verführerisch und von leibenschaftlichen Trieben nach Lebensgenug und hohem Rang in ber Gefellichaft beherricht, überfchritt alle Schranken ber Sitte und bes Rechts. Es wurde ihr nachgefagt, fie habe ichon gubor ben Rronpringen Beinrich in ihre Rege ju gieben gesucht, und fogar magische Mittel angewendet, bie ben frühen Tob blefes geliebten Fürften herbeigeführt batten. Rach ihrer Berbindung mit dem Gunftling benutte fie beffen Stellung ju berbrecherischen Handlungen. Sie wußte daß Overbury, ein Bertrauter Somersets die Bermablung widerrathen und ihr schlimme Dinge nachgesagt hatte. Dafür schwur fie demfelben Rache. Sie bewirkte, daß er in den Tower eingeschlossen wurde, und ließ ihn burch Gift aus ber Belt ichaffen. Mit ber Beit tam burch einen Bufall bas Berbrechen zu Tag; und nun vereinigten fich alle Feinde zum Sturz bes lafterhaften Chepaares. Der Ronig, bem ber Bunftling durch feinen Uebermuth und fein infolentes Betragen, fogar gegen ibn felbst, laftig geworben mar, ließ die Gerichte einschreiten. Diefe sprachen bas Schulbig aus. Der Ronig erließ ben Bernrtheilten die Todesstrafe, boch mußten fie fern von der Belt ein gurudgezogenes Beben führen. Run verwandelte fich die Liebe in Bag, fo daß fie, obwohl in bemfelben Saufe wohnend, vollftanbig getrennt blieben und einander nie mehr faben. Mit ber Dacht ber Sowards war es feitbem vorbei: Benry war gestorben, Thomas, beffen Gemahlin eines verberblichen und feilen Einfluffes auf die Geschäfte beschuldigt wurde, verlor fein Umt.

An die Stelle des gestürzten Günftlings trat jedoch bald ein anderer. George Budingham Billiers von Brookesby aus Leicestershire, ein junger Ebelmann von schöner Ge- 1502.

ftalt und einnehmendem Befen, ben seine weltfluge und ehrgeizige Mutter nach bem fruben Tobe ihres Mannes nach Frankreich geschickt und in allen Schuldiseiplinen und ritterlichen Runften batte unterrichten laffen, jog bei der erften Borftellung am Bofe bie Aufmertfamteit des fonderbaren, für momentane Eindrude lebhaft empfänglichen Monarchen in foldem Grabe auf fich, daß er ibm fchnell feine gange Gunft und Buneigung juwandte. Bie viele junge Danner bisher bem Rouig nabe getreten waren und fich feines Bertrauens ju erfreuen hatten, keiner wußte fo tief und so dauerhaft fich in fein Berg einzuburgern als ber gewandte Edelmann und Cavaller, ber als Bergog von Budingham in Englands Bof- und Staatsgeschichte eine fo bedeutsame Stellung gewinnen sollte. Bohlmeinender und von befferer Ratur als Comerfet hatte er weniger Reiber und Reinde, fo daß es ihm in Rurgem gelang, nicht nur felbst die Admiralswurde und andere hohe Stellen in fich zu vereinigen, sonbern bag auch balb die meiften Bof- und Staatsamter in die Bande feiner Freunde und Anhanger gelangten. Benn Jacob icon zu den früheren Gunftlingen in dem Berhalmiß eines vaterlichen Freundes und Behrers geftanden und fur die volle hingebung und Erene au feiner Person, bie er verlangte, fie an seiner toniglichen Macht hatte Theil nehmen laffen, fo trat biefes Berhaltniß besonders ju Sage zwischen bem alternben Ronig und dem jugendlichen Budingham. Jacob gedachte ben Bergog jum Schüler und Erben seiner religiofen und politischen Magimen heranzubilden; aber ber gewandte Göfling beberrichte bald ben Deifter; in Rurzem ftand er an ber Spipe bes öffentlichen Lebens und verfügte in fürftlicher Machtfulle über bie Meniter, Ehren und Ginfunfte bes Staate.

Jacobs Gals tung jum fpanifchen

Somerfet hatte auch dadurch die Gefühle bes englischen Boltes verlett, daß er spanisch gefinnt war und ben Konig bei ber Berbindung mit bem Madriber Sof festzuhalten gefucht hatte. Man fagte der Berzogin nach, fie habe Sahrgelder aus Spanien bezogen. Sein Sturz erfüllte bas Land mit ber Hoffnung, Jacob werde nun eine andere Politit einschlagen. Und auch ber spanische Gefandte in London erwartete eine folde Banblung; jumal als Gir Balter Raleigh, ber nach bem Falle bes Gunftlings, feines erbitterten Feindes, nach zwölfjabriger Baft aus bem Lower befreit worden war, bem Ronig ben Borfchlag machte, bas "Goldland" Eldorado, das nach einer Sage die Abkömmlinge ber Incas nach ber Berftorung ihres Reiches Bern awischen bem Amazonenstrom und bem Orinoto gegrundet haben follten, fur die englische Rrone zu erobern. Allein ein feind. seliges Auftreten gegen bas erlauchte Sabsburger Berricherhaus lag bem Sinne Jacobs fern. Bwar ging er auf den Borfchlag des unternehmenden Mannes ein, ber in jenen fernen Regionen die Dacht und bas Aufehen Englands ju mehren und zugleich der anglicanischen Rirche Betenner zu erweden versprach; Raleigh erhielt eine kleine Flotille, mit welcher er im Juli 1617 nach Gupana fegelte, um von dort aus in das fabelhafte Goldreich einzudringen, zugleich wurde ihm aber zur Pflicht gemacht, jedes feindliche Busammentreffen mit den spanischen

Colonien zu vermeiben. Dies war jedoch nicht möglich, wenn Raleigh fein Biel erreichen wollte, da die Spanier ihre Befigungen an ber Rufte und im Innern sehr erweitert hatten. Bei dem Durchzug durch spanisches Gebiet tam es bei St. Thomas zu einem higigen Treffen, in welchem die Englander unterlagen. Der junge Raleigh, bem der frante Bater bem Dberbefehl übertragen, fand babei feinen Tob; fein Gefährte, ber tapfere Dauptmann Reymis tobtete fich mit eigener Sand. Rach ichweren Berluften mußte Raleigh den Ruding antreten; Die Mannschaft entzweite sich mit dem Führer, von dem sie sich betrogen glaubte, die Flotte lofte fich auf; wie ein verschlagener Abenteurer tam ber alte Seefahrer in die Beimath gurud. Jacob faste einen beftigen Groll gegen ben Mann, welchen er ohnedies nie leiden tonnte, sowohl wegen bes Schadens, den er der englischen Chre und Marine augefügt, als weil er bas friedliche Berbaltnis zu Spanien geftort batte, und er war ungroßmuthig genug bafur blutige Rache ju nehmen. Bei seiner Befreiung aus dem Tower hatte es Raleigh unterlaffen, das gerichtliche Berdammungeurtheil, bas noch über ihm fcwebte, aufbeben zu laffen. Er glaubte, feine loyale Gefinnung und die Erfolge, auf die er in feinem tuhnen Beifte ficherlich gablte, wurden die vergangene Schuld, die ja ohnebies unerwiesen und zweifelhaft war, in Bergeffenheit bringen. Er irrte fich; er wurde wieber in haft genommen und auf Grund des alten Todesurtheils enthauptet, ein her- Balter Ra-borragender Genius im Reiche der Gedanken und des Wiffens. Es ift eine scharfe 22. Det. 1818. Arznei, fagte er lachelnd, als er bas Richtbeil berührte, aber ein ficheres Beilmittel gegen alle Leiben. Das tragische Geschid bes ritterlichen Mannes erregte große Theilnahme bei ber Ration. Dan betrachtete ihn als ein Opfer ber zweibeutigen, hinterhaltigen Politit bes Königs. Selbst bie Königin Anna hatte fich für seine Rettung verwendet. Die Aufregung über ben blutigen Ausgang verfolimmerte die Rrantheit, die fie bereits ergriffen hatte. Ginige Monate nachher war auch fie eine Leiche. Die fruhere Beltluft, die fie an rauschenden Bergnii- 1.Margieio. gungen, an pruntenden Seftlichteiten, an Masteraben und Tafelgenuffen Gefallen finden ließ, war langft verschwunden und hatte einer ernsteren Lebensanschauung Raum gemacht.

Durch die Hinrichtung des alten Seehelben suchte Jacob bas Mißtrauen Die Bfalger bes spanischen Bofes zu zerstreuen und das alte gute Einvernehmen wieber neu bie spanische au beleben. Ja er brachte biefer Friedenspolitit noch ein weit größeres Opfer. Es ift uns befannt, daß die Bohinen bom Saufe Sabsburg abfielen und ben Rurfürsten Friedrich von der Pfalz, Jacobs Schwiegersohn zum Ronig mablten. Die gange protestantifche Belt erwartete, bag der englische Monarch mit seiner Macht für die Tochter und beren Gemahl einftehen murde. Er hatte die Annahme der böhmischen Krone zwar nicht gerathen doch auch nicht verhindert; und wenn er es nach feinen Anfichten von legitimer Autorität nicht gutheißen konnte, daß Unterthanen um ber Religion willen eigenmachtig die Regierung anderten, fo schmeichelte es boch auch wieder seinem bynastischen Stolze, daß seine Tochter

und seine Entel toniglichen Rang erhalten follten. Und mas ihn besonders batte bestimmen tonnen, fich der protestantischen Sache anzunehmen, war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n England felbft. Der Conflitt mit bem Barlament mare minder scharf bervorgetreten, batte fich leichter ausgleichen laffen, mare Jacob auf die Sympathien der Ration eingegangen. Aber er tonnte es nicht über fich gewinnen, in einen feindlichen Begenfat ju Spanien ju tommen. Anfangs mochte er fich mit bem Gedanten fcmeicheln, er tonnte die Stelle eines Bermittlers und Schiedsrichters behaupten, über den Frieden der Belt beftimmen; mit der Beit aber ließ er fich mehr und mehr in die spanische Atmosphäre hineinziehen; ber Gebante einer Bermählung des Pringen von Bales mit der Tochter Philipps III. murde von Reuem aufgegriffen. Bas bei Beinrich durch ben Tod vereitelt worden war, follte bei Rarl zur Ausführung tommen. Der Berzog von Lerma begunftigte ben Plan, aber die englische Ration, insbesondere die gange Schule Robert Cecils verabscheute die Idee einer tatholischen Beirath. Man hatte lieber gesehen, daß der Thronfolger eine Gemahlin aus den abeligen Geschlechtern des eigenen Lanbes ober aus einem deutschen evangelischen Surftenhaus, etwa die Tochter bes Rurfürsten von Brandenburg gemählt hatte. Statt beffen murden mit dem Sofe von Madrid Berhandlungen über ein Chebundniß eingeleitet, welche wegen ber vielen Bedenken und Schwierigkeiten, die juvor gehoben werden mußten, Jahre lang fortdauerten. Unterdeffen befetten fpanische Truppen die Pfalz. Die Hoffnung, daß fich der Ronig der Union anschließen murde, hatte den Rurfürsten und feine feurige Gemablin bauptfächlich bewogen, die Sand nach der Arone von Bohmen auszustreden, und nun faben fie fich von Land und Leuten vertrieben, ohne daß Jacob fich ihrer angenommen batte. Die Grafen von Effer und Orford, Die ein englisches Regiment nach der Rheinpfalz führten, hatten Befehl, teine Feindseligkeiten gegen die Spanier zu begeben. Die friegeluftigen Truppen, bei benen nich viele junge Danner aus vornehmen Saufern befanden, mußten fich mit ber Besetzung einiger Stadte begnugen. Der friedliebende Ronig traute ber fpanischen Bleisnerei und ließ fich burch bie trugerische Aussicht auf eine friedliche Losung ber Pfalzer Sache hinhalten; und mabrend bas Parlament immer mehr auf eine entschiedene Saltung in ben großen religiösen Rampfen des Continents brang und nur fur ben Fall feine Subfidien bewilligen wollte, bag der Ronig gur Bertheibigung feines Schwiegersohnes und ber Union bas Schwert ergreife, murben bie Unterhandlungen wegen der fpanischen Bermablung fortgefest.

Und zu welchen Bugestandnissen ließ sich Jacob bewegen, um zu bewirken, daß der papstliche Stuhl die zur Cheschließung erforderlichen Dispensationen ertheile und der spanische Hof in seiner europäischen Bolitik nicht gehindert werde! Richt nur, daß er seinen Schwiegersohn beredete, seine Feldberren Mansseld und Christian von Braunschweig aus seinen Diensten zu entlassen, wodurch die Pfalz ganzlich in die Sande der Feinde gerieth, daß die englischen Besatungen abziehen mußten und die Aurwürde an Maximilian von Babern übertragen werden konnte (XI., 853 f.); er gab auch in

Beziehung auf die bestehenden Religionsgesetze Bufagen, welche, obwohl manche davon geheim blieben, den Argwohn und den firchlichen Gifer bes Parlaments erregen mußten; die tunftige Ronigin und ihr Befolge follten freie Religioneubung haben, die Rinder bis in ihr zehntes Jahr unter ben Augen ihrer Mutter erzogen werden und falls fie in dem tatholifchen Glauben beharren murden, dadurch ihren Thronfolgerechten tein Sinberniß entstehen; ja der Ronig verfprach die gegen die Ratholiten verhangten Strafbestimmungen nicht mehr zu vollzieben, die Rathe zu beren Abichaffung eidlich zu verpflichten und den Brivatgottesbienft der tatholifchen Recufanten nicht zu verhindern.

Endlich gaben ber Papft und ber spanische Sof ihre Ginwilligung und ber Die Brant-Berbindung schien nichts mehr im Bege zu ftehen. Da beredete der eitle Buding. Bringen von Bales. bam den Pringen Rarl zu einer Reise nach Mabrid, und Ronig Jacob, ber in feiner Jugend feine banische Braut auf abnliche Beise überrascht batte und ftets mit großer Gelbitgefälligfeit auf biefe romantische That gurndblidte, begunftigte bas Unternehmen. Bie einft ber Bater feine Braut aus bem eifigen Rorben, von Bergen in Norwegen beingeführt (XI., 576), fo follte ber Sohn bie feinige aus dem Guden perfonlich abholen. Unter fremben Ramen tamen beibe in Madrid an und wurden, als man fie erfannte, mit großer Auszeichnung behan- 1623. "Bie oft ift bem Pringen ein Biva unter feinen Fenstern erschollen; Lope be Bega bat ibm einige gludliche Stanzen gewihmet; prachtige Spiele find ibm gu Chren veranftaltet worden." Die bynaftische Berbindung, womit eine Menberung bes firchlich-politischen Spftems in England bedingt mar, fchien eine ausgemachte Sache zu fein. Schon wurden Priefter und Recufanten aus ber Saft entlaffen und in volle Freiheit gefest; Univerfitaten und Beiftliche erhielten bie Beisung, fich aller Invectiven gegen bas Papstthum zu enthalten, man erlebte, baß einzelne Prediger, die bawiber verftießen, in die leer gewordenen Gefangniffe eingeschloffen wurden; beimliche Ratholiten traten mit ihrem Bekenntniß wieder offen hervor. In der protestantischen Bevolkerung zeigte fich eine unruhige Aufregung, man fürchtete Gefahr für den Blauben der Bater, für die Religion des Landes; Alles brangte fich jum Gebet, um Sulfe bei Gott gu fuchen; ber Ergbischof von Bort machte bem Ronig Borftellungen und führte ihm zu Bemuthe, daß er durch seine beabsichtigte Tolerang Lehren befördere, die er selbst in seinen Schriften für abergläubisch und gotendienerisch erklart habe. Die Befürchtung ber Englander über die fpanische Beirath sollte jedoch bald verschwinden : es trat eine Wendung ein, welche die Berbindung in dem Angenblide scheitern machte, ba alle Schwierigkeiten aus bem Bege geraumt ichienen. Perfonliche und politische Motive wirkten aufammen, um ben Familienbund vor der Abschließung au losen und die alte Feindschaft zwischen ben beiben Rationen in ihrer gangen Starte wieder aufleben zu laffen. Budinghams leichtfertiges, übermuthiges Benehmen erregte Anftof bei bem auf ftreuge Etilette haltenben spanischen Sofe. Bie erstaunte man in der hohen Gesellschaft über die Bertraulichkeit, womit der Diener bem Beren begegnete, über die unschicklichen Freiheiten, die er fich in beffen Begenwart erlaubte. Diplomatifche Berwidelungen bei Abschließung ber Chevertrage

erhöhten die Spannung. Der Bring von Bales beftand auf der Berftellung feines Schwagers in fein Rurfürstenthum; aber gerade damals war man in Madrid und Bien mehr als jemals zu einer gemeinsamen Familienpolitit, zu einem geeinigten Borgeben in allen friege- und religionepolitischen Fragen entichloffen; ber machtige Gunftung Philipps IV., Graf Olivarez, bon bem im Staatsrath Alles abhing, war ber Leiter dieser auf die Traditionen Rarls V. und Philipps II. jurudgebenden Politif. Es war begreiflich, daß ber anmaßende und hochfahrende Olivares fich mit bem eingebildeten und reigbaren Bergog von Budingham balb verfeindete, und daß die perfonliche Abneigung burch die Ber-Schiedenartigfeit ber Tendengen gescharft wurde. Bei bem großen Ginfluß bes fpanifchen Ebelmanns auf die gesammte tonigliche Familie mußte Budingham für feine eigene Stellung in Beforgniß fein; er fah feinen Sturg vor Augen, wenn bie Infantin Rarls Gemablin und in Butunft Ronigin von England wurde, und hintertrieb baber bie bem englischen und fpanischen Bolte gleich verhaßte Bermablung, für die icon alle Anftalten getroffen waren. Ronig Jacob mabnte gur Rudreise, ba er die beiben Menschen, die er am meiften liebte, wieber um fich ju feben munichte. Dit welch angftlicher Sorge blidte man in England auf die von den herbstifturmen erregte See, welche die englische Flotte, die den Pringen und feine Begleiter beimbringen follte, lange in Santanber gurudbielt, und wie machtig loderten die Freudenfeuer bei Guilbhall und an fo vielen anderen Orten, als endlich am 5. Ottober nach achtmonatlicher Abwefenheit ber erfehnte Thronfolger gurudtebrte, ohne die spanische Braut und treu dem vaterlichen Glauben! Roch blieben die Unterhandlungen einige Zeit in der Schwebe; teiner der beiben Sofe wollte ben Anftof zu einem vollständigen Bruch geben. Aber bei ben wiberftreitenden Intereffen, die jenseits ber Pyrenaen und über bem Canal icharfer als je hervortraten, die Spanien ju ber engen Alliang mit Defterreich und ber Liga, England zur Unterstützung ber protestantifden Sache hindrangten, waren bie friedfertigen und freund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bie man gefliffentlich mit einer gewiffen Oftentation noch aufrecht zu erhalten fich die Miene gab, nur Schein und heuchlerisches Spiel.

Frangofifche Bermablung.

Denn schon waren andere Bermählungspläne aufgetaucht. Auf der Rūcklung. reise hatte sich der Prinz einige Tage in Paris aufgehalten und unerkannt
die Schwester Ludwigs XIII., die Prinzessin henriette Marie von Frankreich beim Tanze gesehen. Er fand Bohlgefallen an ihr, und Buckingham,
der aufs Eifrigste bestissen war, die Berbindung mit Spanien zu zerreißen, bestärkte ihn und den König in dem Gedanken, statt der Infantin die Tochter Heinrichs IV. zur Prinzessin von Bales zu erheben. Bir wissen, wie sehr Maria
von Medicis, die damals noch eine einflußreiche Stimme am Hofe hatte, und
der Minister Richelieu den Plan begünstigten. Buckingham sand mit seinem
Borschlage in Paris eine huldvolle Aufnahme. Aber in England selbst, sogar
im königlichen Rathe waren mehrere spanisch gesinnte Männer, welche an der bis-

berigen Bolitif und an der Berbindung mit bem Sofe von Madrid festhielten. Diefen mare es gang recht gewefen, wenn bei ber Gelegenheit ber eigenmächtige Gunftling gefturat und burch einen Anbern erfett worben mare. Budingham hatte jedoch ein Mittel, die Absichten feiner Gegner zu hintertreiben: er rieth bem Rönig, wieder ein Parlament einzuberufen, und demfelben die Grunde vorzutragen, warum man bem Bunbnig mit Spanien entfagt und bie Bermablung mit ber Infantin aufgegeben habe. Der Bergog tannte die Stimmung bes Bandes; die Opposition war ja hauptsächlich gegen die unentschiedene Saltung der Regierung in bem großen europäischen Parteitampfe gerichtet gewesen; und wenn auch die Ration es lieber gesehen batte, bag ber Ehronfolger eine protestantische Fürftentochter als Braut heimführte, fo mar boch eine Bermählung mit einer Tochter bes ehemaligen Sugenotten Beinrich IV. viel weniger anstößig und verhaßt als eine fpanische Beirath. Budem ftand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bereits im Begriff, fich ber protestantischen Bartei in Deutschland anzunehmen. Budingham erreichte seine 3mede. Das Unterhaus fprach die Bitte aus, ber Ronig moge die Unterhandlungen mit Spanien fowohl in Sachen ber Berebelichung als ber Restitution ber Pfalz abbrechen. Es mar für Jacob ein ichwerer Entschlus, eine Politit aufzugeben, in ber bisber feine Grundgebanten murgelten, ein Suftem au ergreifen, das ihn gur Theilnahme an bem großen beutschen Krieg nothigen 12. Dabr. mußte. Aber Budingham brachte es babin. Sacob unterzeichnete ben Chevertrag mit Franfreich und traf bereits Auftalten gur Biedereroberung ber Pfalg.

nliche Sin-

Auch der französischen Königstochter mußten in Bezug auf ihre Religion ähnliche Jugeständnisse gemacht werden wie früher der spanischen, wenn der Papst seine Sinwilligung geben follte: der Tochter Frankreichs und ihrer katholischen Umgebung wurde vom König freie Religionsübung zugesagt; die Erziehung der Kinder sollte bis zum dreizehnten Jahr ihrer Obhut anvertraut bleiben, doch das Successionsrecht an das Bekenntniß zur Landeskirche gebunden sein. Der französischen Regierung gab Jacob das Bersprechen, die englischen Ratholiken fernerhin nicht mehr zu Geldstrafen anzuhalten, noch ihre Hausandacht zu hindern.

#### 8. Krone und Varlament.

War schon in den ersten Jahren ein tiefer prinzipieller Zwiespalt über das Divergirende englische Staatswesen zwischen Krone und Parlament hervorgetreten, so nahm vom Staat. derselbe mit der Zeit immer größere Dimensionen an. Wir wissen, in welcher Unterwürsigseit die Tudors die Vertreter des Boltes gehalten, wie sehr sie das Parlament zu einem fügsamen sast willenlosen Wertzeug ihrer Despotie heradgewürdigt hatten. In dieses Verhältniß gedachte auch Jacob einzutreten. Ourchdrungen von der Allmacht und Majestät seiner von Gott stammenden Königs, würde, war er weit entsernt der Reichsversammlung größere Gewalt und Besugnisse zuzuerkennen, als seine Vorgänger gethan. Nach seinen patriarchalischen Vorstellungen vom Königthum hosste er Gehorsam und williges Entgegenkommen zu sinden. Aber er konnte bald bemerken, das eine andere Luft webte, das die

Ration unter den ichweren Rampfen ber Bergangenheit zum Gelbstbewußtsein gelangt mar. Seine Regierung mar ein fortmabrender Streit um die Brarogative ber Rrone und die Rechte der Ration. Jacob bemubte fich vergebens, die konig. liche Autorität im Beifte feiner Borgangerin aufrecht zu halten : er befaß weber die Rlugheit und herrichertraft ber Glifabeth, um den aufftrebenden Biderftand ju bandigen, noch tonnte er wie fie durch ben Glang und Ruhm feiner Regierung ben Despotismus verhüllen; und mabrend ber fparfame Staatshaushalt ber fargen Ronigin fie in Stand feste, felten die Bulfe bes Parlaments ansprechen ju muffen, mar ihr verschwenderifcher Rachfolger, ber fur die glanzende Dofhal. tung, für pruntvolle gefte und ichwelgerifche Dablzeiten, für feine ungemeffene Freigebigfeit gegen Gunftlinge großer Gelbsummen bedurfte, ftete in Roth und bon Schulben gebrudt. Der Blan Robert Cecils, bas Parlament zu vermogen, bem Ronig ein bestimmtes jahrliches Einkommen zu bewilligen und bie Schulden ju übernehmen, mogegen Jacob fich jur Abstellung aller gerechten Beschwerben als Gegenleiftung (Retribution) verfteben follte, tam nicht gur Ausführung : ber Ronig trug Bedenten, auf Bedingungen einzugeben, welche die Prarogative feiner Rrone beschränken konnten, und bas Parlament hatte fein Bertrauen, bag Jacob ju feinem Borte halten und fich durch Bertrage binden laffen wurde. Burde boch in feiner Umgebung die Anficht geaußert : "Bande, von den Unterthanen bem Fürsten angelegt, seien nur Spinneweben, er burfe fie jeben Augenblid gerreißen". Noch weniger tam es nach Cecil's Tod zu einer Berftandigung. Se targlicher aber die Bewilligungen ber Reichsversammlung ausfielen, befto bringender wurden die Geldbedurfniffe des Sofes. Um bem Mangel abzuhelfen, schlug Jacob verschiedene Bege ein: er bediente fich bes aus den Lebensverhaltniffen erwachsenen Rechts, welches dem Ronig die Bormundschaft über die Unmundigen vom Abel juwies, jum eigenen Bortheil mittelft bes "Bupillenhofes"; er nothigte die Großen und die Geiftlichkeit ju freiwilligen ober gezwungenen Beitragen, ju Darleben und Gaben, an beren Rudbezahlung er nic bachte; er vertaufte Monopolrechte, die dem gesammten Sandelsstand beschwerlich fielen, und ichuf einen niedern Abel, Baronets, ju bem man bas Patent ober ben Abelsbrief ertaufen tonnte; und als nun bies Alles nicht gureichte, und bie Subfidien ber Reichsftande immer ichwieriger gu erlangen maren, beschwerte er, ohne die Einwilligung des Parlaments nachzusuchen, die Ein- und Ausfuhr aller Baaren mit willfürlichen Tagen. Man berechnete, bag im Jahre 1614 bie Bolle um mehr als bas 3manzigfache gesteigert worben seien. Umsonft erklarten bie Stande diefe eigenmachtige Bollerhöhung und jede willfürliche Befteuerung für eine Berletung ber Reichsverfaffung; Sacob behauptete, "bem Fürsten fiebe nach göttlichen und menschlichen Rechten bie gefengebende Gewalt zu, er ube fie unter Theilnahme feiner Unterthanen aus und bleibe immer über bem Bejete erhaben". Aber biefe Auffaffung fand wenig Auflang bei ber Ration. Man erwiederte ibm, auch bas Bolt habe Rechte, die ewig und unwandelbar feien, und

den Bords und Gemeinen liege es ob, rechtzeitig über dieselben zu wachen. Umsonst drohte der König, löste das Parlament wiederholt im Jorne auf, ließ die kühnsten Redner in Haft nehmen; jede neue Bersammlung führte dieselbe Sprache. Bu dieser Zeit wurden in Frankreich die Generalstände verabschiedet, um nie wieder einberusen zu werden, die Uera des Absolutismus war dort im Andrechen. Sollte nicht in England ein gleicher Bersuch gewagt werden können? Aber gerade deshalb waren die Repräsentanten um so mehr auf ihrer Hut. Immer gereizter wurden die Auseinanderschungen über die Grenzen der königslichen Prärogative und der Freiheiten des Landes.

Much in ber Literatur murbe die Frage befprochen : Comard Cole, ber grundlichfte Cole unb Renner der englischen Gefete, trat fur Die bestebenden Landesrechte ein, Die er fur Die Berniam. befte Schutmehr gegen jede Bergewaltigung, geiftliche wie weitliche erklarte, und bestritt das tonigliche Privilegium der Bfrundenverleihung und des Gingriffs in die Rechtsfpruche des höchsten Gerichtshofes; Francis Bacon dagegen betrieb die Ausbildung der monarchischen Berfaffung im Sinne ber unbefchrantten Fürftengewalt. Dafür murde er jum Lordtangler erhoben, Cote bagegen aus ben foniglichen Diensten entlaffen, eine Ungnade, die ihm die Boltegunft erwarb und fein Ansehen im Parlament fleigerte. Bie Richelieu fab auch der englische Staatsmann und Philosoph das Beil des Staates in der erhöhten Ronigsmacht. Allein er mar für das monarchifche Bringip eine gebrechliche Stube. Gin Mann von hohem Beift aber fcmachem Charafter, bat er burch fein eigenes Thun die Dacht des Unterhaufes erhoht. Ilm feinen ungemeffenen Aufwand ju bestreiten, seinen Chrgeiz und seine Citelkeit zu befriedigen, lud der oberfte Richter, der Lordtangler von England den Matel der Räuflichkeit auf fich. Seine Biberfacher, an ihrer Spige Cote wiefen ibm nad, bag er von den Parteien Gefchente angenommen und fich bei bem Berlaufe von Monopolen bereichert habe. Bon bein Saufe ber Gemeinen der Beruntreuung angeklagt, wurde er von den Lorde dazu verurtheilt, daß er nie- 1621, mals wieder ein öffentliches Amt belleiden noch in dem Parlament figen durfe und daß er aus der Rabe des hofes berbannt fein folle. Beber ber Ronig noch der machtige Günstling wagte es, sich des Berurtheilten anzunehmen. Eigene Schuld und Amtsmisbrauch, Barteihaß und Rachsucht von Seiten seiner Gegner und Intriguen egoistischer Ratur aus der Umgebung Budinghams wirften gusammen, um den Lordtangler gu Falle zu bringen. Er wurde von dem Beershof zu einer Geldbufe von 40,000 Bfd. Stlg., zur Befangenicaft im Cower, fo lange es dem Ronig beliebe, jum Berluft der Staatsamter, Des Siges im Parlamente, Des Aufenthalts bei hofe verurtheilt. Der König sette ihn nach einer Saft von zwei Tagen in Freiheit, erließ ihm die Gelbstrafe und gemahrte ihm eine Benfion ; aber feine Birtfamteit als Staatsmann mar feitbem dahin. Er blieb ein gebrochener Mann, für das öffentliche Leben verloren, von beicoltenen Charafter, wenn auch von der Rachwelt als einer der erften Denter anerkannt. Fünf Jahre später ist Bacon von Berulam gestorben mit der Beissagung, daß der 9. Apr. 1626. Blip bald nach hoberen Regionen treffen werde.

Die Entzweiung zwischen der Regierung und der gesetzgebenden Macht Bachseiden wurde den Gang der englischen Politik bei den großen Fragen des Tages 1621.
erweitert: Die Rathe der Ration bestanden nicht nur auf den alten Bolksrechten, sie außerten auch unverhohlen ihr Mißfallen über die spanische Brautwerbung und die Preisgebung des protestantischen Aurfürsten. Der König klagte, das durch ihr Berhalten seine Prärogative verletzt wurde: das Parlament wolle

über seine Bundniffe mit andern Fürsten bestimmen und ihm für seine Rricgführung Maß geben; Religion und Staat, die Bermählung seines Sohnes giebe es in Berathung : was bleibe ba von ber Souveranetat noch übrig? Er verwick ihnen die Einmischung in Dinge, die weit über das Begriffsvermögen und die Befugniffe des Saufes gingen, und erklarte, die Rechte, auf die fie fich beriefen, feien nur Brivilegien, die fie ber Gnade feiner Borfahren und feiner eigenen gu verdanken hatten. Da gaben die Glieder des Unterhauses einen Brotest zu Protocoll, worin fie die Freiheiten des Parlaments für das unzweifelhafte Geburts: recht und Erbtheil ber Unterthanen von England erflarten, nicht nur Gefetgebung und Steuerbewilligung ansprachen, fondern auch die Befugniß, in ichwierigen und bringenden Geschäften ihren Rath ju geben und Beschwerben einzureichen; babei nahmen fie volle Freiheit ber Rebe und Sicherheit ber Person gegen willfürliche haft für alle Parlamentsglieder in Anspruch. Buthend über solche Bermeffenheit riß ber Ronig eigenhandig das Blatt aus bem Protocollbuch, lofte bas Barlament auf und ließ eine Anzahl von Mitgliebern, die ihm besonders widerwärtig waren, in Saft nehmen. Dehrere Sahre vergingen, ohne bag eine Reichsversammlung getagt hatte. Der Ronig tonnte fich nicht entschließen, seine Bolitik und seine hauslichen Angelegenheiten in öffentlichen Discussionen berhandeln zu laffen. Erft als die Unterhandlungen mit Spanien abgebrochen waren und ein wirksames Eingreifen in den deutschen Arieg zur Rettung der Pfalz burch Ehre und Religion geboten ichien, bewog Budingham ben Konig, feine Abneigung zu überwinden und ein neues Parlament einzuberufen. Er ftellte bem Monarchen bor, daß er bei ber beabsichtigten Beranderung ber auswärtigen Politik auf die Buftimmung ber Nation und bes bochsten Reichskörpers ficher zählen fonne.

Bacobe lettes

Und diese Boraussetzung schien einzutreffen. Die Bersammlung, Die am 19. Februar 1624 eröffnet wurde, obichon größtentheils aus Gliebern ber alten Sebr. 1824. Oppositionspartei bestehend, erwies sich, als Budingham die Bersicherung gab, daß alle Unterhandlungen mit Spanien abgebrochen seien und der Konig fich seines Schwiegersohns annehmen murbe, in ihren Gelbbewilligungen freigebiger als gubor und gab ihre freudige Stimmung über Die Bandlung zu ertennen. Der Minister ging mit bem Barlamente Band in Band, benn er bedurfte beffen Beiftand gegen feine gahlreichen Biderfacher. Er verfprach dem Saufe, daß die Berwendung ber bewilligten Geldmittel der Controle des Parlaments unterstellt werden sollte; ohne Bedenken trat er in Berhandlungen ein über die allgemeinen Unliegen bes Reichs, über Rrieg und Frieden, über die Borgange in ber toniglichen Familie; die Monopolien, gegen welche früher vergebens fo viele Beschwerben erhoben worden, follten abgeftellt, die Strafgefete gegen die Ratholiten erneuert werden. Buding. ham erreichte seinen 3med. Roch niemals maren Regierung und Reichsbertretung in fo gutem Cinvernehmen; bas Baupt ber fpanifch-gefinnten Partei, ber Lordschapmeister Cranfield, Budinghams bedeutendster und machtigfter Biberfacher,

wurde auf abnliche Beife wie Francis Bacon burch ein Berichtsverfahren aus feinem Amte entfernt, obwohl feine Schuld weber erwiesen noch eingeffanden war, und durch Manner von entgegengefester Richtung erfest. Jedermann erwartete eine Rriegserklärung gegen Spanien, einen Feldzug nach der Pfalz. Aber in diefer haltung ging Budingham weit über die Grenzlinien hinaus, welche Jacob einzuhalten gesonnen war. Sollte ber Stuart seine Grundfage von Autoritat und Prarogative der Rrone, die er fein ganges Leben hindurch aufrecht erbalten, nun in feinen alten Sagen preisgeben? follte er Die Bolitit des Friedens und Bermittelns, die feiner Ratur fo febr aufagte, nun auf einmal von ber Band weisen und entschieden jum Schwert greifen? Roch niemals befand fich Ronig Jacob in folder Unrube, in folder peinlichen Unschluffigkeit und Rathlofigkeit als in biefen letten Lebenstagen. Er batte fich gerne von Budingham losgemacht und einen barmloferen Freund an feine Seite berufen; allein ber gewandte Bunft. ling war bereits zu machtig geworben; er bielt ben Ronig mit farten Banben gefeffelt und beberrichte und angftigte ibn mit Berufung auf ben Bollewillen und bas Barlament. Dit innerem Biberftreben, "ber Roth gehorchend nicht bem eigenen Trieb" nahm Jacob eine friegerische Saltung an; es murben Ruftungen gemacht, Marine und Flotte, auf welche Budingham von jeber die größte Sorgfalt vermendet, vermehrt und in gute Berfassung gebracht, Berbindungen mit protestantifchen Fürsten angelnübft, Mansfeld durch Geldbeitrage in Stand gefest, nene Truppen gur Biedereroberung der Pfalz zu werben. Auch der erwähnte Beirathebertrag mit Frankreich, der furz vor Beihnachten gum Abschluß tam, tonnte als Rundgebung friegerischer Tendenzen gegen die Sabsburger Reiche angesehen werden. Aber noch immer vermochte fich Jacob nicht zu einem enticheibenden Schritt zu ermannen; ein Rrieg mit Spanien angfligte ibn wie ein brobendes Gespenft; Mansfeld erhielt die Beifung, tein Land anzugreifen, welches ber Erzberzogin Ifabella ober ber fpanischen Krone mit Recht angebore : man bermied jedes feindselige Auftreten. Bu biefer unschluffigen Saltung wurde König Jacob außer seiner Friedensliebe vor Allem burch die Furcht von bem Barlamente gedrangt. Der Geift ber Opposition, ber fich bei aller Billfährigleit, bei aller Begunftigung ber neuen politischen Benbung in ben Reihen ber Abgeordneten fund gab, flogte ibm Sorgen ein; er fürchtete eine Geführdung bes monarchifchen Prinzips, das er fo eifersuchtig zu mahren und zu fteigern befliffen war. Das Schichal ersparte ibm die lette Entscheidung. Che noch die Bermab. lung feines Sohnes mit Benriette von Frankreich vollzogen war, mabrend noch bie Rriegswage in der Schwebe gehalten ward, schied Ronig Jacob, der erfte Stuart auf Englands Theon aus dem Leben, treu der anglicanischen Religions. 27. Marz form, nach beren Ritus er vor feinem Ende das Abendmahl empfing, und treu 1625. seinen potitischen Anschauungen, zu benen er fich in feinem Leben und in seinen Schriften bekannt und die er in ber letten Stunde ben um ihn Berfammelten ausgesprochen hatte. Dieje Anschauungen standen in ichroffem Gegensas zu ben

112 B. Das brit. Reich unter d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f.

Gendengen ber Ration; und wenn gleich ber Bwiespalt ber Meinungen zwischen Rrone und Barlament am Schluffe feines Lebens weniger offen und icharf berporgetreten mar, fo tonnte doch Jacob aus vielen Anzeichen schließen, daß das perfonliche Regiment, bas Ronigthum von Gottes Gnaden, bas er allein für berechtigt hielt, feinen Bestand haben werbe. Ein banges Gefühl von bevorstebenden inneren Rampfen burchzog die Scele des Ronigs und verdüfterte feine letten Stunden. Und daß biefe Befürchtungen nicht ungegrundet waren, trat balb zu Tage, als fein vielgeliebter Sohn Rarl I. ben Thron beftieg.

### II. König Karl I. und die englische Thronumwälzung.

1. Karls I. Regierung bis zu Buckinghams Ermerdung.

Regierung&

antritt unb

In einem monarchischen Staat ift ein Thronwechsel stets ein bedeutungs-Bermab- voller Moment im öffentlichen Leben; das Bolt fieht mit gespannten Erwartungen auf die ersten Regierungsbandlungen, um baraus einen Schlus auf Die tommenden Dinge, auf die Unfichten und Abfichten bes neuen Regenten ju gieben. Und in welchem andern Lande hatten biefe Erwartungen allgemeiner und aufregender sein konnen als in dem Reiche, wo der Konig im Augenblid großer Enticheibungen aus bem leben gegangen mar? Birb ber neue Ronig auf den angebahnten Wegen weiter wandeln und die von Budingham eingeleitete Politit in Ausführung bringen, ober wird er andere Tendengen verfolgen, vielleicht wieder in das Friedensspftem bes Baters einlenken? Dag ber lettere Fall nicht eintreten wurde, tam balb flar zu Lage. Der Sifer, womit die Bermablung mit der frangofischen Berlobten betrieben murbe, tonnte als Beweis dienen, das ber neue Ronig grundlich mit bem Sabsburger Berricherhaus zu brechen gebente. Beber die Trauer um den verftorbenen Monarchen noch die in London berrichende Epidemie hielt Rarl ab, die Tochter ber Maria von Medicis durch eine feierliche Gefandtichaft abholen zu laffen und nach der perfonlichen Trauung in ber Rathebrale von Canterbury auf bem iconen Schloß Samptoncourt bas frobe Ereignis mit glanzenden Festlichkeiten zu feiern.

Ronig Rarl I. Die "Bonigmonate" follten jedoch nicht lange bauern : die Beiten maren au ernft, ale bag nicht Staatsangelegenheiten fofort die gange Thatigfeit bes Ronigs in Anspruch genommen hatten. Die Lage der öffentlichen Dinge war nicht ungunftig. Budingham, welcher Rarl's Bertrauen und Onade noch in boberem Dage besaß, als in der letten Beit die des Baters, hatte burch sein Einlenten in die nationale Politit, burch fein entgegenkommendes Berhalten gu ben Forberungen des Parlaments die ungunftigen Borurtheile, welche der übermachtige und übermuthige Gunftling früher auf fich geladen, abgeschwächt und bermischt: es unterlag feinem Zweifel, daß fein Borhaben, für die Sache ber Evangelischen auf bem Continent einzutreten und ber fpanisch-öfterreichischen Reactionspolitif

entgegen zu wirten, im Sinne bes englischen Bolles mar. Und follte nicht ber Ronig, ber funfundamangig Jahre alt in ber Bluthe feines Lebens fand, ber an häuslichen Tugenden, reinen Sitten und ritterlichem Besen wie an edlem Aunstfinn und manden toniglichen Gigenschaften ben Bater weit übertraf, bei allen Standen mehr Buneigung und Bertrauen finden, ale ber eigenfinnige, rechthaberifche, pebantifch-eitle Borganger? Er war mit feinen Anfichten offener und aufrichtiger bervorgetreten, batte bem fpanischen Sof gegenüber mehr Charafterfeftigkeit und Entschloffenheit gezeigt und ftets bie Cache feines Bfalzer Schwagers verfochten. Daß er feinem Bater an gelehrten Renntniffen und Geläufigfeit ber Rebe nachstand, gereichte ibm im Urtheil ber Belt nicht aum Rachtheil, aumal ba er ein praktifches Berftandniß und eine rafche Auffaffung fur politifche und firchliche Fragen befaß. Auf feinem bisherigen Leben laftete tein Borwurf, tein fittlicher Matel; und auch im Berlauf feiner Regierung bewährte er in Saus und Familie dieselbe Reinheit der Sitten. Freilich hatte er mehr bon dem Bater geerbt, als bas Boll gewahrte: er theilte beffen Borliebe für unbeschränfte Berrichergewalt, er begte biefelben übertriebenen Anfichten von der Konigsmacht, ber Brarogative der Krone, er war von demfelben Stolz und eigenmächtigen Sinn erfüllt; er hatte dasselbe Bedürfniß, sein Bertrauen Gunftlingen auguwenden; ju Jagd, Reftlichkeiten und Lebensgenuffen mar er nicht minder geneigt und auch der Bang zu Zweideutigkeit und Berftellung lag in seiner Seele verborgen. Die energische Lebendigkeit und bas populare Befen, Die seinem alteren Bruder Beinrich die Buneigung bes Boltes verschafft, waren ihm fremb. Doch trat bies Alles erft im Laufe feiner Regierung ju Tage. Bei feiner Thronbesteigung ichien zwischen Ronig und Ration Einverftandniß und Barmonie zu befteben. Rur um dem Reichsgesete zu genügen, ordnete Rarl fofort neue Barlamentsmablen an; er mare am liebsten mit benselben Abgeordneten, die schon unter Jacob bersammelt gewesen, in Berathung getreten. Sanbelte es fich boch nur um bie Bewilligung ber nothwendigen Subsibien gur Durchführung bes bereits beichloffenen Rrieges und zur Dedung ber von Jacob hinterlaffenen und burch bie glanzende Bermählungsfeier gemehrten Schulben.

Aber wie bald follte Rarl aus diefer Taufdung geriffen werden. Das Richtide Barlament, bas um die Mitte Juni fich in Befiminfter versammelte, vertannte zwar nicht feine Berpflichtung, ber Regierung die Mittel zu dem bereits begonnenen Rrieg zu bewilligen, aber es verlangte zugleich, bag ber Ronig nunmehr auch seinerseits die politischen und firchlichen Grundsate in Ausführung bringe, beren Innehaltung Budingham im vorigen Sahr in Aussicht gestellt und die er selbst als Erbe ber Krone gebilligt habe. Es war kein Geheimniß, wohin bas Baus zielte: man hatte in Erfahrung gebracht, baß bem frangofischen Sofe bei bem Chevertrag in Betreff ber tatholifchen Religionsubung in England weitgebende Bugestandniffe gemacht worden. Der Bapft und die ultramontane Bartei begten fogar die tubne hoffnung, daß bies ben Anftog au einer Betebrung bes

## 114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f.

Inselreiches geben könnte. Um nun diese hoffnungen grundlich nieberzuschlagen, trug bas Parfament barauf an, daß die Strafgefete gegen die Recufanten in Ausffibrung gebracht werben follten, bag ber neue Ronig ju bem Regierungsfoften Elifabethe gurudtehre. Aber wie tonnte Rarl zu folchen rigorofen Dagregeln fcreiten? Ronnte er ber Ronigin, ihrem Bofhalte, ben frangofischen Gaften bie Meffe unterfagen ober ihnen verwehren, englische Freunde und Glaubens: genoffen baran Theil nehmen ju laffen ? Bas murbe ber frangofische Sof, mit bem boch ber Arieg gegen Spanien gemeinschaftlich geführt werden sollte, zu einem foleben vertragewihrigen Berfahren gefagt haben? Allein fo wenig ber Wonig au ben Maximen ber Etifabethichen Beit gurudgeben konnte und wollte; fo fest behaurte bas Barlament auf feinen Forberungen. Die englische Ration hatte mit Unruhe die tatholifirenden Richtungen ber Stuartschen Familie besbachtet; fie fürchtete aller Früchte ber Reformation, für welche bie Bater fo viele Opfer gebracht, verluftig zu geben. Und wenn schon bisber Papisten und Befulten mit conspiratorischen Unitrieben und Umstwapersuchen umgegangen waren, was fland erft zu erwarten, als ber fathelifch-reactionare Fanatismus auf bem Continente ben gefammten Protestantismus mit Ausrattung bebrobte?

Ce murde ermagnt, bag im Gegenfay ju der hachtirchlichen Richtung bes Sofes und des Episcopats die puritanischen Anfichten immer weiter in die burgerlichen Rreife einbrangen, daß icon unter Jacob eine Archlich-politische Opposition bervorgetreten war, welche die gange Anfdamungeweife der herrichenden Rreife im Pringip belampfte. Gt mare Unrecht, Diefe Opposition allein auf einen religios-protestautischen Belotismus gurudguführen; fie murgelte in der Berfchiedenheit der Anschauungen von Staat und Rirche amifchen ber hoftheologie und ber burgerlichen Laienwelt. Dr. Montague, einer ber toniglichen Raplane, batte in einer Streitschrift mit einem Miffionar darzuthun gefucht. daß die anglitanische Kirche von den Doctrinen Calvins wetter entfernt sei als von den latholifden Riedenlehren, jene mit großer Gehaffigleit, diefe mit Schonung und Anerkennung behandelt. Mit einer Rlage bedroht appellirte er an ben Ronig, als Oberhaupt ber englischen Kirche. Auf ben Nath einiger geiftlichen Würdentrager zog Rari Die Sache par fein eigenes Bericht. Die Buritaner argwohnten, daß Montague die in den hoffreisen herrichenden Anfichten ausgesprocen habe, und das Abgeordnetenhaus wollte den von den Tudors erhobenen Anfpruch, das es zu der Prarogative der Arone gebore in firchfichen Ungelegenheiten von parlamentarifden Gefeben gu biedenftren, nicht former gelten laffen. Unter ben einzelnen Streitfragen lagen weitgebenbe Pringiplen verbangen; es handelte fich darum, ob die tonigliche Autarität oder die befchworenen Reichsgesetze die höchste Macht in England seien.

Der Ronig fein erftet

Und nicht Mos in Sachen ber Religion und Rirche trat Diefer Gegenfas ber-Parlament, por: je mehr die Stuarts in ihrem ftotzen herrschergeist die monarchifche Gewalt über Gefet und hertommen zu stellen fuchten, befte mehr war bas Parlament bedacht, die alten nationalen Rechte mit Garantien ge fchuben, ans bem Dunkt : ber Unbeftimmtheit, in bas fie unter ber Billfurherrichaft ber Subord gerathen waren, ju farer Geltung und Anertennung zu erheben, dem gebildeten Dittel stande Theilnahme am Staatsleben und an den hochsten nationalen Gütern w

erwerben. Das Unterhaus wollte baber die Gelbbedürfniffe bes Ronigs gur Sicherftellung ber Landebrechte benuten. Richt nur daß es in feiner Bewilligung ber fur ben Rrieg geforberten Gubfibien weit unter ben Antragen blieb, es ging fogar in ber Ueberweisung bes Tonnen, und Pfundgelbes, ber bertommilchen Bolle fifr ein- und ausgehende Bacen, von ber Gewohnheit ab, indem es bie Erhebung berfelben nicht, wie bisher üblich gewefen, auf Die gange Regierung gett jugeftand, fonbern nur auf em Sahr, nach beffen Ablauf eine neue Beiselligting nachgefucht werben folite. Bas zu allen Zeiten bon ben Rönigen als ein Recht ber Krone angesehen worben war, beffen Beftätigung nur um ber Form willen bei ben Reichsboten nachgesucht werbe, wurde nun als ein Recht ber Ration bingestellt. Rarl wurde burch biefe haktung bes Parlaments mit großem Unwillen erfüllt; nicht allein daß ihn baffelbe in bem Krieg, ben es Boch felbft gebilligt, nicht binlanglich unterftutte, er follte auch Jahr ein, Sohr aus von bem guten Billen bes Unterhaufes abhangig fein und in retigiofen Durgen fich bie Banbe bimben laffen. Diefe Berftimmung murbe burd Budingham verniehrt. Der eitle, berrichfüchtige und felbfigefällige Manu hatte fich in vorigen Inbr nier beshalb bem Parlamente fo fehr genähert und bie conflitutionellen Tenbengen geforbert, nur mit beffen Sulle bie fpanifch gefinnte Gegenpartei zu fprengen und au flürgen. In feinem Innern theilte er gang die Stuartichen Anfichten, De himmeigung june Ratholicisums, ben Biberwillen gegen jebes populare Dit regiment. "Er fab die purlamentarifche Berfaffung mis dem Standpunche eines Gewalthabers an, ber fich ihrer ju bem vorliegenden Zweck bebienen will, ohne fich von ihr gebunden zu achten, sobald fie ihm unbequent wird. Ihm bag Alles an dem nachften Succes, fur ben ihm jedes Mittel recht toar." Beit emtfeent fich ber öffenflichen Meinung, wie fic fich in ber gesetgebenben Rieperschaft tunb gab, zu bengen, bewog er den König, fich über die Opposition hinweg zu febent. Die in London herrschende Pest wurde als Grund benutet, die Sitzungen nach ber bochfirchlich-eonfervativen Universitäteficht Oxford zu verlegen. Der Geoffiegelbemabrer Billiame, welcher bem Saufe bie Bufage gegeben hatte, buß bie Gefete gegen die tatholifchen Priefter vollzogen werden follten, murbe feines Antes enthaben und eine tonigliche Anmeftie gegen feche Atogefchulbigte erlaffen; und ale bas Parlament eine neue Gulfibienbewilligung guradwiet, erfolgte die Mug. 1828. Auflöfung. Durch Bubtbeberrichung und perfauliche Ginwirtung hoffte ber herrschfüchtige Minister, der im geheimen Rath allein das gedietende Bort führte, eine fügfamere Berfammtlung zu erhalten. Mehrere herborragenbe Gliebes ber Opposition wurden an Sheriff ermannt, bamit fie nicht wieder gewählt werben tonnien.

Das zweite Parlament, bas Rari bald mach feiner Aronnung in Weiteninfter Das zweite versammelte, war von bemfelben Geift erfalls wie bas erfte. Budinghaus hatte gebr. bor zwei Jahren, als er nach Bolfdamft ftrebte, verfprochen, daß über die Betwendung der bewilligten Gelber ber Berfammlung Rechenschaft abgelegt und nach

ihrem Rath und Billen dabei versahren werden sollte. Darauf kam nun das Parlament zurück. Der König weigerte sich, eine solche parlamentarische Controle, die einer Minister-Berantwortlichkeit gleich kam, über seine Berwaltung ergehen zu lassen, das widerstrebe der Prärogative seiner Krone. Dem Kriegsrath wurde untersagt, diesem Berlangen Folge zu leisten. Bugleich wurde mit der Erhebung des Tonnen- und Pfundgeldes auch nach Ablauf des Termins sortgesahren, ohne daß eine neue Bewilligung nachgesucht worden wäre. Die Entzweiung zwischen der Regierung und der gesetzebenden Macht wurde immer stärker. Der ganze Haß richtete sich gegen Buckingham, den man beschuldigte, daß er ein absolutes Königthum begründen wolle, wie Richelieu in Frankreich, wie Olivarez in Spanien. Man verlangte, daß er zur Berantwortung gezogen werde. Bon beiden Häusern wurden Klagen gegen den schlimmen Rathgeber der Krone eingereicht. In diesem Borgehen erblicke Karl eine Berletung seiner königlichen Ehre und

1626. 1626. 16wårtige Bolitik.

Dies geschah in einem Augenblick, da die auswärtige Politik Englands große Unzufriedenheit im Bolke erregte. Was unter Jacob vorbereitet worden, kan unter seinem Sohne zur Auskührung: Karl trat in den spanisch-österreichischen Krieg ein. So sehr dieser Schritt im Sinne der Ration war, so entsprach doch die Art, wie derselbe ins Werk geseht und betrieben wurde, keineswegs den Wünsschen und Erwartungen des Landes. Eine Expedition gegen Cadix unter Lord Winnbledon wurde so ungeschickt ausgeführt, das die Alotte mit Schaden und

Bimbledon wurde fo ungeschickt ausgeführt, daß die Flotte mit Schaden und Debr. 1626. Schande gurudtehrte; und anftatt mit ben protestantischen Fürsten Deutschlands und mit Danemart fich ju gemeinfaniem energischen Borgeben ju vereinigen, ließ fich Budingham von dem frangofischen Bofe ju felbstfüchtigen 3weden mißbrauchen. Bir wiffen, daß Richelieu nur durch die Mitwirtung englisch-hollanbifder Schiffe über bie feemachtigen Sugenotten bes Subens Bortheile zu erringen vermochte (S. 34). Schon bort wurde erwähnt, welche Erbitterung biefe Unterftusung einer tatholifden Dacht gegen Glaubensverwandte in beiden Staaten erzeugte. Es war flar, daß es bem Bergog weniger um die religiofe Sache gu thun war, als um die Befriedigung feines Baffes und feiner Rachsucht gegen ben spanischen Sof. Und boch wurden burch biese Unternehmungen die Geldmittel fo fehr ericopft, bag ben Mannichaften ber Gold nicht bezahlt, bag Ronig Chris ftian IV. von Danemart und die protestantischen Beerführer an ber Elbe nicht unterftut werden konnten und die Liga und Defterreich bas Welb behaupteten. Und bald tam es auch noch ju Beindseligfeiten mit Frankreich. Es ift und aus den früheren Blattern befannt, zu welchen Berwidelungen bie Saltung Rarls und Budinghains gegenüber dem Barifer Bofe und ben Sugenotten führte; bas bemonstrative Auftreten der Ronigin und ihrer frangofischen und tatholischen Umgebung gegen die tegerischen Englander bewog ben Ronig, einen Theil des Sofhaltes feiner Gemablin nach Frankreich zu entlaffen. In Paris erblickte man barin

einen Bruch bes Beirathsvertrags. Richelieu ließ burch einen eigenen Gefandten

Borfiellungen machen. Die Entzweiung murde noch großer, ale fich ber englische hof der Hugenotten annahm. So fehr diese veranderte Politit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in England entgegentam, fo bermochte fie boch teine Berfohnung au bewirten. Man gab bem Minister Schuld, daß er zu diefem Rrieg eben fo fehr burch perfonliche Motive, burch ben Bunfch nach Rache wegen erfahrener Beleibigungen geleitet worden fei, wie bei bem fpanischen; und ber klägliche Ausgang des Unternehmens gegen die Infel Re, wobei englisches Blut und englische Chre schmachvoll geopfert wurde, ohne daß den Glaubensgenoffen in La Rochelle irgend eine Erleichterung ju Theil ward, war nicht geeignet, die verbitterte Stimmung zu mindern.

Mit diefen Migerfolgen nach Außen war eine fortwährende Berlegung der Absolution Berfaffung verbunden. Da die fpateren Bewilligungen des Parlaments die Aus- bengen. gaben nicht becten, fo suchte ber Ronig auf anderem Bege fich Gelb zu berichaffen: er fuhr fort das Connen- und Pfundgeld ohne ständische Bewilligung ju erheben; er machte 3mangsanlehen, er verkaufte Domanen und Monopolien. Steuererheber durchzogen die Grafichaften, um die gezwungene Unleibe eingutreiben, wer die Bahlung weigerte, wurde in Saft genommen. Gin anglicanischer Beiftlicher, Dr. Sibthorpe fuchte in einer zu Rorthampton gehaltenen Bredigt zu beweifen, daß bein König die Fulle der gesetgebenden Gewalt inwohne und daß man seinen Befehlen, sofern fie nicht mit Gottes Bort in Biberspruch standen, unbedingten Gehorfam ju leiften habe. Der Ronig verlangte, bag bie Predigt mit erzbischöflicher Autorität gedruckt und verbreitet wurde, um die Legalität der 3wangsanleihe barguthun. Der freifinnige Erzbischof Abbot verweigerte jedoch die Licenz. Er wurde mit der königlichen Ungnade beftraft und aus der hohen Commission gestoßen, die Rede aber unter der Gutheißung Lauds, damals Bischof von London, in die Deffentlichkeit gebracht.

Alle diese Mittel erwiesen fich jedoch als ungureichend. Bei ber Rudfehr Beition ei ber Flotte aus dem biscapischen Meere war der konigliche Schat so erschöpft, daß nov. 102: taum die Roften ber Sofhaltung bestritten werden tonnten; die Sugenotten in Larochelle maren in der größten Bedrangniß, Rarls Dheim Chriftian IV. von Danemart, fein Schwager, Friedrich von der Pfalg, Die deutschen Protestanten wurden nicht unterftütt; Englands Chre und Ansehen war im Schwinden. Rur eine Berständigung mit dem Parlamente konnte die Schädigung heilen. Und ce fehlte nicht an Stimmen, welche dazu riethen. Eine Anzahl gelehrter und freifinniger Manner, wie Eb. Cote, John Selben, Robert Cotton, John Glanville, waren eifrig bemubt, ein Gleichgewicht zwischen der Prarogative der Rrone und bem parlamentarischen Rechte zu Stande zu bringen; ber Danenkonig fuchte ben Reffen zur Rachgiebigkeit gegen die gemeinsame Stimme ber Stande zu bewegen. Es tam bem Ronig ichwer an, ben ersten Schritt zu thun; fein bynaftisches Gelbftgefühl, fein Biderwille gegen jede Controle und Beschränkung, seine Sinneigung jum Absolutismus ließen ibn in ben Forberungen des Parlamentes

unbefugte Eingriffe in seine monarcischen Sobeiterechte erbliden. Dan borte einmal bie harte Meußerung, "es sei ehrenvoller für ben Ronig, von ben Feinden bes Landes in Roth gebracht, als von seinen Unterthanen verachtet zu werben". Die bedrängte Lage zwang ihn jedoch, es noch einmal mit ben Ständen feines 22. Mars Reichs zu versuchen. Im März versammelte er zum brittenmal das Barlament in Bestminfter, um die Mittel zu einer neuen fraftigeren Rriegführung zu erlangen. Er zeigte fich in manchen Streitpuntten nachgiebiger als fruber: Die gezwungenen Anleiben ohne die Mitwirtung ber Gefengebung follten unterbleiben, Berfon und Gigenthum gefichert fein, Abbot in feine frühere Stellung wieber eingefett werben. Auch bas Parlament war nicht abgeneigt, burch größere Bewilligungen ber Roth bes Ronigs abzuhelfen. Aber die Mehrheit ber Bertreter mar zugleich entschloffen, die Fundamentalrechte gegen alle fünftigen Gingriffe und Billfürlichfeiten ju ichuten, Burgichaften ju verlangen, bag bie von ben Borfahren übertommenen Rechte, Freiheiten und Gefete geachtet wurden und feine absolute Ronigsgewalt wie in Frankreich ins Leben trete. Bu dem Ende entwarf bas Unterhaus die "Bitte um Recht" (petition of right), worin der König erfucht ward, die alten Gefete in Bezug auf Eigenthum und perfonliche Freiheit, Die in ben vergangenen Jahren vielfach verlett worden, wieder herzustellen. Es follte Riemand ohne Angabe bes Grundes verhaftet, Riemand ju einer Steuer ober Beistung, die nicht vom Parlamente genehmigt worden, gezwungen werden burfen. Rur unter biefer Bedingung wurden fünf Gubfidien bewilligt. Rarl trug Bebenten, biefe feine fouverane Gewalt fo ftart befchrantenden Forderungen au beftatigen. Bar es in feinen Augen icon eine ungerechtfertigte Reuerung, bas Steuerbewilligungen an Bedingungen gefnüpft wurden; wie follte fur die Sicherheit bes Staats und bes Ronigs geforgt, wie fünftigen Berfcworungen vorgebeugt werden, wenn teine Berhaftungen ohne Angabe der Urfache, ohne Beobachtung ber juridischen Formen vorgenommen werden follten, wenn die Regierung nicht mehr befugt fein follte, aus Staatsgrunden fich verbachtiger Berfonen ju bemächtigen, verratherische Umtriebe burch rafches gebeimes Ginschreiten zu vereiteln! In keinem andern Lande bestand zu jener Beit ein folches Befet. Gelbst im Sause ber Lords ftief die Borlage auf Biberspruch; man wollte ihren Bortlaut burch eine Claufel zu Gunften ber foniglichen Gewalt milbern. Der Ronig hielt mit feiner Bestätigung jurud; er suchte die Berfammlung burch bie mundliche Berficherung ju beschwichtigen, bag er über bie Freiheiten und Rechte bes Landes mit berfelben Fürforge machen werde wie über feine Brarogative, bag die Gefete beobachtet, die Unterthanen nicht unterbrudt werden follten; man wollte aber festere Garantien als allgemeine Bersprechungen. Rarl gog inegeheim die Baupter ber Juftig ju Rathe und veranlagte fie ju richterlicher Butachtung, ob er burch Unnahme ber Betition auf immer bent Rechte entfage,

Berhaftungen ohne Angabe ber Urfache vorzunehmen. Die Antwort war refervirt.

The section is a

Lich jedoch die Möglichkeit offen, daß die königliche Gewalt in einzelnen Fallen 26. Mai fich über ben Wortlaut der Bill wegsehen konne.

Aber auch mit biefem Befcheib tonnte fich ber Konig immer noch nicht gur Der bergog Beftatigung entfoliehen; es mochte feinem geraben Ginn wiberfreben, mit einem bam. geiftigen Borbehalt fein Bort ju verpfanden. Diefes Banbern ichrieb man ben Gingebungen Budinghame gu, ber in bem Bwiefpalt gwifden Rrone und Stanben feinen Bortheil febe. Er nabre ben bespotifchen Ginn bes Monarchen und fei die Burgel alles bisherigen Unbeils. Die gange Opposition richtete fic baber gegen ben Ganftling, ber fich burch feinen verberblichen Ginfing auf Die Staats. gefchafte allgemein verhaßt, burch feine Gitelbeit und Frivolität verächtlich gemacht hatte. Die rigorofe Lebensauschauung, die durch den Buritunismus mehr und mehr in die Bürgerflaffen einbrang, nahm Mergerniß an bem unfittlichen ausschweifen. ben Lebenswandel bes bochgeftellten Mannes, an feiner Belthift, feinem auffallenden Bestreben, die Schönbeit seiner Berson durch weibischen Bus, burth Rleiberpracht und filnflichen Schmud zu erboben, um in ben vornehmen Damenfreisen zu glanzen. Die Beweglichkeit feines Geiftes, Die unrubige Geschäftigkeit, Die zeitweife init forperlicher Erfchlaffung abwechselte, bie Banbelbarteit feiner Ratur, die unberechenbar von einem Entichlus zum andern fiberfprang, Die felbitfrichtige Rudfichtelofigfeit bei Behandlung ber öffentlichen Dinge erweckten bie Beforgniß, bag unter feiner Leitung in die Regierung und in das gemeine Befen nie ein fester Blan, nie eine geficherte Rechtsordnung einbelingen werbe. Go reifte benn nach aufreg enden Debatten im Unterhause ber Gebante, ben Bergog wegen Berlehung ber Berfaffung in Antlageftant ju verfegen. Diefe Wendung war für ben Ronig ein Doldfloß. Gollte er seinen Liebling, feinen Bertrauten und Berather ben Angriffen feiner Feinde preisgeben? Sollte er ben ihm fo wibermartigen Grundfat ber Minifterverantwortlichteit Blat greifen laffen? Rimmermebr tonnte er fich zu einer folden Demutbigung entschließen. Rachbem er mit fich felbft und mit feinem geheimen Rathe die Bage ber Dinge etwogen, beschloß er, um die bem Gunftling brobende Gefahr abzuwenden, die Bitte um Recht angunehmen. In einer feierlichen Sigung beiber Baufer murbe in Gegenwart bes 7. Juni 1028 Monarchen das Schriftstud verlesen und von diesem durch die alte Formel: "es geschehe Recht, wie begebet wird" beftätigt, ein Greigniß, bas bon ber Berfammlung wie bon ber ganzen Ration mit Freudenbezeugungen begrüßt ward. Glodengelaute und feftliche Feuerfaulen gaben in Stadt und Sand bie Sthnmung ber Gemüther fund.

Und boch trat keine aufrichtige Berfohnung ein. Aus ber Rebe des Königs Bertagung tonnte man entnehmen, daß er keineswegs gewillt sei, seiner Prätogelive etwas ments. Bu vergeben, daß er nur dem Druck der Zeitumstände gewichen, keineswegs abet seine Ansichten über die souberane Gewalt der Krone geandert habe. Daß man auch im Parlament diefe Gesinnung durchfühlte und keineswegs vertrauenskelig einem Regimente sich hingab, bessen Bügel noch immer in den Handen eines

Budingham ruhten, ging aus bem Berlaufe ber weiteren Berhandlungen bervor. Man erhob Beschwerden über eine Renge von Thatsachen, durch welche Die Religion und die Staatsverfaffung des Landes gefährdet werde, über die mangel. bafte Ausführung ber Recufantengefete, wodurch in Irland und England die ultramontanen Sinneigungen geforbert wurden, über den ichmachvollen Rriegs. aug, woburch ber Bortheil und die Chre bes Landes geschädigt fei, über die Disachtung ber nationalen Rechte. Un allen diefen Uebeln fei ber Bergog von Buding. bam fculb; ber Konig moge baber jur Beruhigung bes Boltes biefen Dann von den Regierungsgeschäften entfernen. Es mar teine Antlage, es war nur eine "Remonftration", eine Bitte und Borftellung. Dennoch mar ber Ronig febr ungehalten. Mit Borwürfen empfing er die Deputation: das Baus zeige wenig Einficht in Staatsangelegenheiten, fagte er. Die alte Berftimmung und Entaweiung tehrte gurud. Das Unterhaus brachte von Reuem Die unberechtigte Erhebung der Bolle gur Discuffion. Der Ronig erflarte turg und bestimmt, daß bas Bfund- und Tonnengeld ber Krone gebore, und sprach mit Beichen ber Un-

24. Juni gnade die Bertagung des Hauses aus.

Gerade bamals war die Expedition jur Befreiung Larochelles im Gang, Buding: die uns aus früheren Blattern bekannt ift (S. 35 f.). Sobald nun der Herzog durch die Bertagung des Parlaments freie Sand erhielt, begab er fich nach Ports. mouth, um die Abfahrt der Flotte mit mehr Gifer ju betreiben. Er trug fich mit hochfliegenden Blanen : England follte in die triegerischen Angelegenheiten ber Beit energischer eingreifen, fich ber Protestanten auf bem Continente entschiedener annehmen; durch auswärtige Erfolge und glorreiche Kriegsthaten hoffte er die innere Gahrung niederzuwerfen, die aufgeregten Gemuther au beruhigen, die Machtstellung bes Konigs zu befestigen. Es war ihm bereits gelungen, in die 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eine Bresche zu schlagen, indem er zwei ihrer fähigsten und beredtesten Bortampfer, Gir John Savile und Sir Thomas Bentworth, auf feine Seite brachte. Bu Baronets erhoben traten beibe in die Dienste bes Ronigs und widmeten ihm ihre Talente. revolutionare Beift mar icon ju machtig geworben; die "Remonstration" bes Barlaments gegen ben Minister war in die Ration gebrungen und hatte eine Aufregung und Erbitterung erzeugt, die wie eine gundende Flamme um fich griff. Aufreigende Platate wurden angeschlagen; Dr. Lainb, ein Lehnsmann und

Arat bes Bergogs wurde auf offener Strafe ermorbet. Balb follte basfelbe 23. Aug. Schidfal ben Lord felbst erreichen. Als er eines Morgens in den von Menschen gefüllten Saal seines Bauses in Portsmouth trat, erhielt er einen Doldftich in die Bruft von folder Wirtung, daß er nach furzem Todestampfe eine Leiche mar. Bei bem allgemeinen Tumult, ben bas Ereigniß hervorrief, hatte fich ber Thater leicht unter ber Menge verbergen fonnen, zumal da der Berdacht zunächst auf einige anwesende Frangosen fiel, mit benen Budingbam turz gubor icharfe Borte gewechselt hatte. Da rief ploglich eine Stimme: "ich bin der Mann, ber es

gethan bat". Der Ausruf tam von einem hagern Menschen mit rothlichen Saaren und melancholisch-duftern Gefichtegugen. Es war ein Offizier ber toniglichen Armee, Ramens Felton, der zweimal im Avancement hinter jungeren Mannern jurudgefest worden war und darum ben Bergog hafte. In seinem Entschluß, fich an bemfelben zu rachen, wurde er burch bie Remonftration bes Parlaments und die öffentliche Stimme, die den Minister als den Zeind des Landes und der Religion hinstellte, bestärft. Man fand ein Papier bei ihm, auf welchem bie Borte ftanden : "ber Dann ift feig und niederträchtig und unwürdig des Ramens eines Gentleman und Soldaten, der nicht bereit ift, sein Leben zu opfern für die Ehre Gottes, seines Ronigs und seines Baterlandes". Andere Aufzeichnungen, die man in feiner Bohnung fand, gaben Beugnig, daß er bes festen Glaubens lebte, es fei Pflicht gegen Gott und bas Baterland ben Beind bes gemeinen Befens zu tödten. Auf die Frage nach Mitschuldigen sagte er, bas Berbienft und der Ruhm der That tomme blos ihm zu. Um den Mord auszuführen, hatte er eine Reise von fiebengig englischen Meilen gemacht. Bor Gericht legte er ein offenes Bestandniß ab; boch scheint er im Befangniß zu der Ginficht gebracht worden zu fein, daß er Unrecht gethan habe. Wenigstens sprach er vor feiner Binrichtung feine Reue aus. Die Anwendung ber Folter, um weitere Geftandniffe zu erpreffen, hatten die Richter verweigert, weil es ben englischen Gesehen zuwider sei. Ein folches Ende nahm ber Bergog von Budingham, ber allmachtige Minister und Gunftling ameier Ronige. Er ftand auf bem Gipfel seiner Große, ale er, erft fecheunddreißig Sahre alt, burch Morderhand weggerafft wurde. Rarl vernahm die Botschaft mit ruhiger Miene, seine innere Bewegung beherrschend. Dann schloß er fich zwei Tage ein und überließ fich seinem Schmerze. Er nannte ben verftorbenen Günftling einen Martyrer feines Fürften', ließ ibn im Stillen in der Beftminfter-Rirche beifegen und ehrte fein Andenten. Bare 17. Sept. der Bergog dem Mordstahl Feltons entgangen, urtheilt Lingard, fo mare er mahricheinlich mit der Beit unter bem Beil bes Benters gestorben.

Im Januar des folgenden Jahres versammelte Rarl das Parlament aber- Badienbe mals in feiner Hauptstadt; er mochte glauben, daß das tragifche Ende Bud- und neue inabams eine verfohnende Birtung auf die Gemuther hervorgebracht habe. Aber auflofung. die Abgeordneten tamen unter Ginbruden jufammen, die neue Rampfe bervorrufen mußten. Bir wiffen, wie kläglich ber Rrieg vor La Rochelle ausging; das hugenottische Bollwert mußte fich dem Cardinal Richelieu unterwerfen, ohne von ber englischen Flotte bie geringfte Bulfe erhalten zu haben, ein schwerer Schlag für die Beltstellung bes protestantischen Inselreiches. Mehrere Londoner Raufleute, welche das von dem Barlamente nicht bewilligte Tonnen- und Pfundgeld verweigert hatten, maren gepfandet worden. Dan nahm Mergerniß, daß am hofe die katholifirenden Tendengen unter dem Ginfluß der Ronigin wieder start hervortraten, daß Papisten und Sesuiten begünftigt wurden, daß in den bochfirchlichen Rreisen die arminianische Glaubenbrichtung, die man als die

Parlamentes

Brutftatte des Romanismus bezeichnete, mehr und mehr Eingang fand. Es fchien bedenklich, daß in einem neuen Abdrud ber Confession Die Clausel beigefnat mar: "bie Rirche bat Macht, über religioje Gebrauche und Ceremonien au bestimmen und die bochfte Autorität in Glaubenssachen", eine Clausel, wodurch man die Uniformitatsafte gefährdet glaubte. Montagne, ber einft die tonigliche Machtfulle fo eifrig gepredigt, war zum Bifchof von Chichefter erhoben, ein anberer Geiftlicher gleicher Richtung, Roger Mainwearing, welcher aus ber beil. Schrift bewies, daß der Ronig unbeschräntt sei und bas Recht ber Besteuerung ibm bon Riemand bestritten werden tonne, von ber ihm auferlegten Gelbbufe befreit worden. Es ftellte fich beraus, daß eine Ausgabe ber "Bitte um Recht" im Umlauf fei, welche nicht die Beftätigung bes Ronigs, fondern bie erfte ausweichende und unbestimmte Erflarung enthielt, eine unwürdige Doppelgungigfeit, welche alles Bertrauen in die Bahrhaftigleit und Aufrichtigleit bes Monarchen gerfioren mußte. Unter folden Umftanden nahmen bie Parlamenteverhandlungen bald einen fturmifchen Charatter an. Der Ronig beftand darauf, daß bas Tonnen- und Bfundgeld wie seinen Borgangern fo auch ihm auf Bebenszeit bewilligt werde; er werde es immer als eine Gabe bes Boltes betrachten, aber es wiberftrebe feiner Chre, daß ihm das Recht der Bollerhebung nur auf turge Frift augeftanden worden, daß er gleichsam von der Sand in den Mund leben folle; auch fei es für eine geordnete Staatshaushaltung unumganglich nothwendig, bag in ben laufenden Ginnahmen feine Unterbrechung oder Störung eintrete. Allein icon bei diefer Frage gingen die Anfichten und Biele fo weit auseinander, daß au einer Berftanbigung wenig Ausficht war. Babrend bas Barlament auf bem Rechte bestand, die Erbebung ber Steuern von feiner Bustimmung abbangig ju machen, die Bollfage im Gingelnen feftzustellen, von allen Ginnahmen und Ausgaben öffentlicher Belber Renntniß zu erhalten, erließ ber Ronig an die Schap. fammer und an die Bolleinnehmer den Befehl, daß das Tonnen- und Pfundgeld

nach wie vor forterhoben und Alle, welche die Bahlung weigern würden, in Strafe 2. Marz genommen werden sollten. Als das Parlament verlangte, daß den Londomer Raufleuten die weggenommenen Güter zurückerstattet, die Steuerbeamten in gerichtliche Untersuchung gezogen würden, beschloß Karl, die Sigungen dis zum 10. März zu vertagen. Der Sprecher, Iohn Finch, der von der popularen zur königlichen Partei übergegangen war, verkündete dem Hause den Besehl und wollte sofort die Sigung schließen. Aber in derselben Stunde hatte John Elliot eine Protestation eingebracht, welche die Männer der Opposition zuvor durchgeführt sehen wollten. Da entstand in der Bersammlung eine Seene, wie in den parlamentarischen Annalen noch nichts Aehnliches erlebt worden. Zwei Mitglieder, Hollis und Balentine, legten Hand an den Sprecher und hielten ihn mit Gewalt auf dem Stuhle sest, während unter Tumult und leidenschaftlichen Reden die Protestation verlesen oder vielmehr mündlich vorgetragen ward. Der Sprecher weinte und schrie; man ließ ihn nicht los; schon war der Beante mit seinem Stab in ber Borhalle erschienen, um die Botschaft des Ronigs zu berfunden; man verfcolog die Thure bes Saales, um die nothige Beit zu gewinnen, ben Antrag Elliots jur Abstimmung ju bringen. Darin bieß es: Seber folle als Landesverrather und Reind bes Ronigreichs und bes gemeinen Befens angeschen und behandelt werden, ber es versuche, Papismus, Arianismus ober andere mit der wahren orthodogen Rirche nicht übereinstimmende Lehren eingujubren; ber die Erhebung von Steuern und Bollen ohne Bewilligung bes Barlaments vollziehe oder anrathe, ja fogar derjenige der folde bezahle. Raum batte die Mehrheit bes Saufes den Brotest angenommen, so wurde der Bersuch acmacht, die Thure ju fprengen. Da verließen die Mitglieder ben Saal und gingen ibres Beges. Rach folden Auftritten war ein Bufammengeben bes bamaligen Parlaments und der Regierung eine Unmöglichkeit. Dies erkannte man auch im Bebeimen Rathe, wo insonderheit ber Schatzmeister Richard Beston, ber icon wegen seiner Borliebe fur Papisten und Jesuiten bei bem Bolte verhaßt mar, bem Ronig rieth, an feiner Prarogative festaubalten. Ale ber Termin ber Bertagung abgelaufen war, erschien Rarl im Saufe ber Lords und sprach die Muf. 10. Mars lojung des Barlaments aus, ohne das andere Saus hingugurufen. Schon vorber batte er Befehl gegeben, neun Mitalieber der Opposition, darunter Elliot. Bollis, Balentine, Selben, in Saft ju bringen und wegen Ungehorfams gegen Konig und Obrigfeit in Antlageftand ju fegen. Jest ließ er eine Proclamation ausgeben, worin es bieß, er babe genugend gezeigt, bag er teine Abneigung gegen parlamentarifche Berfaminlungen bege; allein die aufrührerische Saltung ber Mitglieder des Unterhauses habe ibn wider feinen Billen bewogen, andere Bege zu betreten. Er werde jest die Stande bes Reichs nicht mehr versammeln und es als Anmagung anseben, wenn ibn Jemand au irgend einer Beit baau drangen wolle; das Bolt folle erft feine Sandlungen und Intereffen beffer tennen lemen. Berufen, Salten und Auflofen bes Parlaments ftebe ausschließlich in ber Macht und in dem Belieben des Ronigs. Damit begann eine neue Beriode in ber Berfaffungsgeschichte Englands. Rarl I. betrat die Babn, die in Frantreich Ludwig XIII. mit Richelieu's Sulfe feit fünfzehn Jahren gludlich und erfolgreich gewandelt mar. Aber die Lage der Dinge mar in beiden Landern eine verschiedene: In Frankreich standen dem absoluten Ronigthum ständische Gewalten gegenüber, welche ibre Sonderrechte und Barticularintereffen auf Roften einer einheitlichen fraftigen Regierungsmacht zu erhalten und zu mehren bedacht maren; in England mar das Parlament ber Ausbrud eines nationalen Gesammtwillens, welcher die uralten in heißen Rampfen errungenen Rechte und Freiheiten bes Bolles, die durch ben Despotismus der Tudors burchbrochen und verdunkelt worden waren, guruderobern, die Errungenschaften ber Altwordern berftellen und por Eingriffen, Billfur und Bergewaltigung ichugen wollte.

#### 2. Die Regierung ohne Varlament.

Die fonig-

Rarl I. wagte ben gefährlichen Schritt, die bisherige Staatsordnung Eng. lands auf die Seite ju ichieben und ohne Bugiebung ber Reichsftande die Regierung ju führen. In diesem Borhaben murde er burch einige Mitglieder bet gebeimen Raths bestärft, unter benen Thomas Bentworth und Richard Befton bie entscheidendste Stimme hatten. Der erftere hatte fich schon gur Beit Budinghams durch seinen brennenden Chrgeis verleiten laffen, aus den Reihen der Oppofition im Unterhaufe in ben toniglichen Rath überzutreten. Gin fraftvoller, energischer, rudfichteloser Mann mar er jest bor Allem befliffen bie Dacht ber Arone zu heben und zu stärken. Das Beispiel Richelieu's mochte ihm bor Augen fcmeben. Er wollte Unumfdranttheit, aber jum Beften bes Bolts gebraucht. Mit bem Eifer eines Renegaten befampfte er jett die Aufichten seiner fruberen Tage und feine ehemaligen Gefinnungegenoffen; Die Stande und Die perfonliche Freiheit bes gangen Boltes follten ber Rrone gur Berfügung gestellt werden. Richard Beston war ein großes administratives Talent von unermudlicher Thatigfeit und fruchtbar in Auffindung von Sulfemitteln, gefchickter in ber inneren Berwaltung als in diplomatifchen Gefchaften und in ben Angelegenheiten außerer Bolitit. Beibe erfreuten fich ber Gunft und Gnade bes Königs und fliegen rasch ju ben hochften Chrenftellen auf. Bentworth murbe juin Lordftatthalter von Irland und jum Grafen von Strafford erhoben; Befton erhielt ben Rang eines Carl von Portland und trat durch die Bermablung feines Sohnes mit einer Dame aus bem Saufe Lennog in Berwandtichaft mit ber toniglichen Familie. ihnen standen die Grafen von Carlisle und Holland am höchsten im Bertrauen bes Königs. Jener war ein Schotte, James Bay, ben Jacob mit nach England genommen und in auswärtigen Geschäften vielfach verwendet hatte; ber lettere, Benry Rich, war durch Budingham in die Bobe getommen und erfreute fich besonders ber Bunft der Rönigin, bei deren Ueberführung nach England er einst thatig gewesen. Reich und prachtliebend gehorte er zu den glanzenoften Erscheis nungen in Bhiteball, er trug fich mit der ftolgen hoffnung, die Stelle Buding. hams einzunehmen. Sie alle und noch mancher andere Staatsmann, wie Graf Arundel aus dem Hause Howard, wie Cottington, ein geheimer Papist, wie Dudley Digges strebten nach bem "Sonnenschein bes Bofes" und nahrten bie absolutistischen Tenbengen bes Monarchen.

Frieben mit

Roch stand die englische Regierung mit Frankreich auf bem Rriegsfuße. Frankreich u. Aber was konnte seit dem Fall von Larochelle noch weiter erzielt werden? Bereits hatte Richelieu mit den Sugenotten Unterhandlungen angefnüpft, die bald nach. her zu dem Abkommen von Rimes führten (S. 37). Da hielt man es in London für zwedmäßig, fich mit bem Parifer Sof zu verständigen, um ungeftort von außeren Sorgen die ganze Aufmerkfamkeit ben inneren Dingen widmen zu konnen. Schon waren burch die venetianischen Gesandten in beiben Landern Bersuche gu

einer Ausgleichung gemacht worden. Dieje wurde unter den obwaltenden Ilmständen bald erzielt. In dem Frieden von Sufa gab England jede fernere Unter, 1. Apr. 1623. ftükung der Sugenotten auf und zerriß damit das lekte Band des Busammenbangs. ber feit bem Mittelalter zwischen bem fühmeftlichen Frantreich und Großbritannien bestanden. Es ift nicht unwahrscheinlich, daß die Borftellungen von Seiten Eng. lands den Cardinal Richelien bewogen haben, in dem "Gnadenedift von Rimes" ben Sugenotten mäßige Bedingungen zu gemahren, doch murbe in bem Friedensinftrument ber englischen Bermittelung teine Erwähnung gethan. Den frangofischen Reformirten follte jede Soffnung auf ein englisches Schupverbaltnis abgeschnitten werden. Dagegen erwies fich ber frangofische Bof nach einer andern Seite nach. giebiger. Er bestand nicht auf ber wortlichen Ausführung der Bestimmungen bes Beirathebertrages, um dem englischen Ronig und seinen Rathen feine Schwierige feiten gegennber ben puritanischen Religionseiferern zu bereiten; ber Sofhalt ber Königin follte fortbesteben, wie er vor Rurzem eingerichtet worden war. Richelieu, gerade bamals mit bem Rrieg wiber bie fpanifch-öfterreichische Macht in Italien beschäftigt (S.39), hoffte jest die englische Regierung zu einem energischen Borgeben gegen diefelbe Macht in Rordbeutschland bewegen ju tonnen. Satte doch Karl I. bon jeber die Abficht ausgesprochen, seinem landesflüchtigen Schwager wieder zu feinem Rurfürftenthum ju verhelfen. Gine maritime Bereinigung ber protestantijden Machte im Norden, ber Danen und Schweben, ber Sollanber, Englanber und Sanfeaten, tonnte den Ballensteinischen Eroberungsplanen an der Dit- und Rordfee Salt gebieten und bas Sabsburger Berricherhaus jur Rachgiebigfeit amingen. Aber es tam anders. Bei der in England herrschenden Geldverlegenheit war man jedem auswärtigen Krieg abgeneigt. Um in ber Bekampfung des inneren Feindes nicht gehemmt zu fein, gab Rarl auch die Sache feines Schmagere preis. Die Burndhaltung Englands bewog ben banifchen Ronig auf bie Friedensvoriclage bes taiferlichen Relbberrn einzugeben. Bir wiffen, bag er im Frieden von Lübed gegen die Rudgabe feiner schleswig-holfteinischen Besitzungen jeber weiteren Einmischung in die beutschen Angelegenheiten entfagte (XI, 918). In Bien hat man diesen für Danemart nicht ungunftigen Frieden gerade beshalb zu einem ichleunigen Abschluß geführt, um den Bund der nordischen Seestaaten, über ben man in Rovenhagen verhandelte, im Entstehen zu brechen. Und bald folgte Rarl bem Beispiele seines Obeims. Der Bruffeler Sof leitete burch den Maler B. B. Rubens, der neben feiner Runft auch diplomatifche und politische Geschäfte betrieb, in London Berhandlungen ein, die dann durch Cottington in Madrid und durch Don Carlos Coloma, einen vertrauten Minister der Infantin Nabella, in London weiter geführt wurden und den Frieden vom 5. Rovember 5. Rov. zur Folge hatten. In dem Augenblid, da durch die Erscheinung Guftav Adolfs der große Rrieg eine nene Bendung nahm und dem Rurfürsten von der Pfalg die Biedererwerbung feines Landes mehr als je in Ausficht gestellt mard, erneuerte Ronig Rarl mit Spanien ben Friedensvertrag feines Baters vom 3. 1604.

126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t.

Er begnügte fich mit dem vagen Bersprechen Philipps IV., daß ihm in der pfälzischen Sache Genugthuung verschafft werden folle. Bo waren die ftolzen Entwürfe feiner Jugend geblieben! Um feine absolutiftischen Blane im eigenen Lande durchzuführen, gab er feine Chre und feine nachsten Bermandten preis.

Rarls matte

CALL DESCRIPTION OF THE PARTY O

Raris fpanifc gefinnter tatholifder Unterhandler Cottington ließ fich fogar Artegepo int. von dem Madrider hofe zu einem geheimen Bertrag bewegen , worin die Mitwirtung Englands gur Biebereroberung ber vereinigten Rieberlande gugefagt war. Dafür follte Beeland dem englischen Monarchen zufallen. So weit wollte jedoch Karl nicht von den politischen und religiösen Traditionen der Glifabethichen Beit abgeben. Er verweigerte die Ratification des Theilungsvertrags und beruhigte die Generalftaaten durch die Buficherung, daß der Friedensichlus mit Spanien dem Berhaltniß zu ihnen feinen Gintrag thun folle. Dann und wann regte fich in seinem Innern noch ein Gefühl fur die weltgeschichtliche Aufgabe, die er fich einft gestellt hatte, die aber jest unter den innern Berwürfniffen jurudgetreten mar. In einer folden Anwandlung fdrieb er an feine Schwefter, daß er mit Frantreich und Bolland jur Bieberberftellung bes Aurfürften fich vereinigen werde. Bie weit blieben aber feine Thaten hinter feinen Borten gurud! Als Guftab Abolf in Deutschland einzog, ftellte fich James Samilton mit einigen schottischen und englischen Regimentern bei ihm ein, um ber ungludlichen Bohmentonigin feine ritterliche Bulfe ju wibmen; von ihrem Monarden im Stiche gelaffen, wurden bie tapfern Ranner burd Rampfe, Strapagen und Entbehrungen größtentheils aufgerieben. Als die Schweden die Bfalg befetten, schickte Rarl einen Gefandten, henry Bame ab, um ben nordifden Ronig jur Restitution des Landes an den rechtmäßigen Fürften ju bewegen. Aber welchen Eindrud tonnte die Intervention eines Monarchen machen, der mit dem geinde in Frieden und Gintracht leben wollte und nur Borte und gurbitten gu bleten hatte? Und als der ungludliche Rurfürft in Maing vor der Beit aus der Belt fchied, hatte Rarl für die Somefter und ben Reffen nur leere Bertroftungen, biplomatifche Berwendung und unwirtsame Gesandtschaften an den Reichstangler und an die prote-Rantifden Fürsten. Rie tounte er es über fich gewinnen, in gunftigen Momenten durch Abfendung einer tleinen Beeresmacht bem Abministrator ber Pfalz eine nachbrudliche Bulfe ju leiften. Er mar frob, wenn fein Rame nicht auf den Fürstentagen genannt ward. Denn ein friegerifches Eingreifen hatte ihn genothigt, fich an die Ration zu wenden und ein Parlament einzuberufen, und die Theilnahme an Conferengen und Berhandlungen ber evangelifchen Bunbesverwandten batte ibn in eine Barteiftellung gegen bie tatholifden Machte gebracht.

Dhumacht nach Ausen nb Sürften-

So verlor England allen Ginfluß auf Die europäische Politif. Unterdeffen Burftens gründeten die Hollander ihre Sees und Colonialherrschaft in dem indischen Archipel Rolg im gründeten die Hollander ihre Sees und Colonialherrschaft in dem indischen Archipel Innern. und Frankreich that nicht blos den ersten Schritt zu seiner continentalen Machts ftellung, sondern vergrößerte auch feine Marine. Als Gelben in feinem befannten Buche nachzuweisen fuchte, bas England einen gegrundeten Anspruch auf Die Dberherrschaft in den benachbarten Meeren habe, war es bereits fehr zweifelhaft, ob das angebliche Recht gegemiber den wirklichen Berbaltniffen aufrecht erhalten werden tonne. Babrend Rarl feinen Unterthanen gegenüber fich als ftolgen Selbstherricher zeigen wollte, flehte er burch bemuthige Gefandeichaften nach Bien um gnäbige Berückfichtigung ber Rechte feines Reffen Rarl Ludwig, ber ja an bem Majeftateverbrechen feines Batere unschuldig fei, und ließ fich durch gleißnerifde

Borte und Berbeißungen taufden! Als bor bein Fürftentag bon Regensburg (XI, 982) die taiferlichen Minifter ben Antfürsten Maximilian gur Rachgiebig. feit in Begiehung auf die Refitution ber Bfalg an den Reffen Rarle gu bewegen fuchten und dabei bemertten, daß bie Unterftugung ber englischen Marine, Die man fich baburch erwerben wurde, ber tatholifch-öfterreichifden Partei von großem Rugen fein werde, wies der Baper die Anmuthung mit der Bemertung gurud: ber Ronig fonne feine Blottte nicht lange in Gee halten, ba er fich mit feinen Reichsftanben nicht verftebe, ohne beren Bewilligung er boch auf feine bauernbe Contribution rechnen tonne. Damit bezeichnete Maximilian die tiefe Bunde, an welcher ber englische Staat bamale frantte. Ueber ein Sahrzehnt regierte Rarl ohne Barlament; fein Biberwille gegen die trotigen Bolfevertreter nahm mit ben Jahren gu, er wollte feinerlei Befchrantungen feiner foniglichen Machtvolltommenheit dulben. Auf bas Erbrecht ber Stuarts fich ftubenb, bas von allen brei Reichen und von allen Religionsparteien gleichmäßig anerfannt fei, erblichte er in ben Barlamenten nur untergeordnete Rorperschaften bon provingieller Bedeutung. benen auf die Regierung ber Gesammtmonarchie nur ein beschränfter Ginfluß guftebe. Der Ronig und feine Staatsmanner und Bifchofe faben in benfelben nur "Ratheberfammlungen, die man nach Belieben befragen toune ober auch nicht. beren Pflicht es fei, die Rrone ju unterftitgen, ohne das Recht, ihr etwas vorgufdreiben, ober in ihren Bewegungen binderlich zu werben". Diefer Anschanung allgemeine Geltung zu verschaffen, war nun bas hauptziel von Raris Regierung in den breißiger Jahren.

Freifich nrufte ber Ronig wahrend ber Beit auf alle Steuerbewilligungen Steuerer verzichten, aber seine ergebenen Rathe fanden Mittel und Bege, ben Ausfall ju Barlament. beden. Gine Beitlang reichten die bon bem Unterhause bewilligten fünf Subfibien aus: das Tonnen- und Pfundgeld wurde ohne ftandische Mittvirfung erhoben und ba feit ber Berftellung bes Friedens mit Frankreich und Spanien und bei ber auf einem großen Theil bes Beftianbes herrichenben Unficherheit ber englische Bandel wieder febhafter betrieben ward, fo floffen die Einnahmen ergiebiger. Manche aus ber Frembe eingeführte Bebensbedurfniffe wurden gur Berfteuerung beigezogen, manche neue Abgabe aufgebracht. Es fam felten mehr bor, daß Ballen von Bollmaaren von ben Gafen wieder nach den Manufacturorten zurudzingen, weit man ben Boll nicht bezohlen wollte, oder bag frembe Raufleute ihre Baaren nicht ausladen ließen aus Beforgniß, wenn fie die Tage entrichteten, wurden fie ben ber Bebolferung Unannehmlichfeiten ober Michandlungen erfahren. Riemand mar mehr gezignet, Ausgaben und Ginnahmen in einem geregelten Bang ju halten, burch Sparfamieit und umfichtige Berwoltuma im Staatsbaushalt Ordnung au ichaffen, entftebende Rathftanbe ober Berlegenheiten burch neue Buffsmittel gu beseitigen, ale ber Großichataneifter Beffan. In tatholifch-reactionaren Ibeentreifen befangen, theilte er die Abneigung bes Königs gegen jedes populare Mitregiment, gegen die zunehmende punitamisch-

128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f.

liberale Anschauungsweise des Bolts. Er und seine Gefinnungsgenoffen im gebeimen Rathe spahten in ben alten Steuerrollen nach, um verjahrte und vergeffene Berechtsame und Ansprüche ber Rrone wieder geltend zu machen. fanden fie benn bald eine Menge von Bestimmungen, die als Einnahmequelle benutt werben tonnten. Rach altem Bertommen und Feubalrecht follten alle Bafallen bei ber Kronung erscheinen, um ben Ritterschlag zu empfangen. Diefer veralteten Berpflichtung batten fich febr viele entzogen und murben jest fur Die Berfaumniß mit Gelbftrafen belegt. Bon ben Inhabern ebemaliger Domanen und Rirchenguter wurden unter dem Borwande mangelhafter Befittitel bobe Summen erpreßt. Dberforstrichter durchzogen die Grafschaften, um alle, die nich innerhalb ber Grenzen ber alten Ronigsforften angebaut hatten, zur Borzeigung ihrer Rechtsurfunden aufzufordern; wer fich nicht durch Documente auszuweisen vermochte, mußte Geldzahlung leisten. Ronig Jacob batte, um ben unaufborlichen Senchen, die von der machsenden Bevölkerung bergeleitet wurden, ju begegnen, burch eine Berordnung die Bergrößerung ber Sauptftadt und die Aufführung neuer Baufer verboten; die Gerichte hatten dies für ungesetlich erklatt und London war daber nach allen Seiten erweitert worden. Run ließ die Regierung durch Commiffarien die Reubauten aufnehmen und die Uebertreter ber Berordnung zur Strafe ziehen. Ferner wurde von dem Bertaufe der Monopolien ein für Industrie, Berkehr und Gewerbwesen sehr nachtheiliger Gebrauch gemacht; es bildeten fich Bereine gur Erwerbung von Patenten gu ausschließlichem Gewerbebetrieb. Durch folche und andere Mittel murden der Staatstaffe betrachtliche Summen jugeführt, Die bei fparfamer, geregelter Saushaltung fur Die laufenden Ausgaben genügten. Man ging babei vorfichtig zu Berte.

"Der König" so berichtet nach Ranke der Benetianer Correro, "bewegt sich zwischen ben Klippen, von denen er umgeben ist, langsam aber mit Sicherheit. Die Richter legen die Gesetz zu seinem Bortheil aus, da es keine Parlamente gibt, die ihnen widerssprechen könnten: die Unterthanen aber wagen alsdann nicht entgegenzutreten. Mit dem Schlüssel der Gesetz such die Pforte zur absoluten Gewalt zu eröffnen."

Das Shiffgelb.

Benn schon diese peinliche Ausbentung veralteter oder zweiselhafter Hoheitsrechte, die nur gewisse Klassen der Bevölkerung traf, große Unzufriedenheit erregte, welchen Eindruck mußte es erst machen, als auf Grund ehemaliger für ganz andere Berhältnisse berechneter Anordnungen eine Steuer ausgeschrieben ward, die das ganze Land anging und zu weitgehenden Consequenzen führen konnte? Es war in früheren Zeiten östers vorgekommen, daß bei Kriegsnöthen zur Bertheidigung des Landes das Bolk zur Ausrüstung von Schiffen oder zu Geldbeiträgen dafür angehalten worden war. Roch zur Zeit der Armada hatte Elisabeth zu diesem Mittel gegriffen. Aber welche Mißstimmung mußte es hervorbringen, als jest, da England sich von allen auswärtigen Kriegshändeln sern hielt und von keiner Seite ein Angriff zur See zu befürchten war, ein Schiffgelb ausgeschrieben wurde, das von dem ganzen Königreich erhoben zur Mehrung

und Ausruftung ber Marine verwendet werben follte. Man rechnete aus, daß die königliche Einnahme badurch um 218,500 Pf. St. im Jahre wuche. Auch Mannichaften gur Bewachung der Ruften gedachte man aufzustellen. Sie follten den Rern einer stehenden Armee bilden, wodurch alle Bewegungen im Innern niedergeschlagen werden konnten. Als die ungewöhnliche Magregel großen Biderspruch erfuhr, wurden die Ausleger der Gesetze um ein Urtheil angegangen. Da erflarten die Richter "wenn das Reich in Gefahr fei und der Ronig es fur nothwendig halte, fo stehe ihm bas Recht zu, unter dem großen Siegel von England feinen Unterthanen zu gebieten, eine fo große Anzahl von Schiffen auszuruften, als ihm nothwendig icheine; im Falle fie fich beffen weigern follten, fei er ben Gefegen gemäß vollkommen befugt, fie bagu gu nothigen". Run schritt ber Ronig jur Ausführung. Aber bie Berichtshofe batten fich icon fo oft zu Bertzeugen des Despotismus gebrauchen laffen, daß das Bertrauen in ihre Gerechtigkeit und Unparteilichkeit bereits tief erschüttert mar. In ben hoffreisen berrichte große Freude über ben Triumph; man überlegte, wie man den Ausspruch im Intereffe des Absolutismus noch weiter verwerthen tonne: "Da der Konig das Recht hat eine Steuer zur Ausruftung einer Flotte anzuordnen", fchrieb Lord Strafford aus Irland, "fo muß es fich mit der Berbung einer Armee eben fo berhalten und berfelbe Grund, ber ibn berechtigt ein Geer zu werben, um einer Invafion zu widerstehen, wird ihn auch berechtigen, diefes Geer ins Ausland zu führen, um berfelben zuvorzukommen. Go lange bem Ronig nicht die nämliche Besugniß, die ihm jest für die Seemacht zukommt, auch für die Landmacht zugesprochen wird, fteht seine Semalt nur auf Ginem Fuß. Ueberdem, mas Geseh in England ist, ift auch Geset in Schottland und in Irland. Dieser Richterspruch macht den König absolut zu Hause und furchtbar nach Außen. Laßt ihn nur noch wenige Jahre fich bes Rrieges enthalten, bamit fich feine Unterthanen an die Bezahlung der Steuer gewöhnen, und er wird fich machtiger und geehrter feben als irgend einer feiner Borfahren." Aber nicht Alle theilten Diefe Auffaffung. Ein wohlhabender Gutsbefiger in Budinghamsbire, John Sampben, John Sampein ftiller ruhiger Mann bon wenig Borten, der aber unter feinem fchichten 1643. Gewande ein gesundes Urtheil und einen festen beharrlichen Sinn barg, sprach die gerichtliche Entscheidung an, ob er wirklich verpflichtet sei, das Schiffgeld zu gablen. Es war ihm nicht um die geringe Summe von 20 Schilling zu thun. die er zuvor bei bem Sheriff hinterlegte, fondern um Teftstellung bes Landrechts. Die Richter ber Schaptammer konnten sein Berlangen nicht zurnaweisen und so erfolgte benn eine Rechtshandlung, welche das ganze Land in Spannung hielt. Nov. 1637. Drei Monate dauerte die Berathung; das Ergebniß war, daß fieben Richter fich für die Prarogative des Königs, fünf für Hampben aussprachen. So war mohl nachgewiesen, daß das Schiffgeld in dem Rechtsherkommen seine Begrundung habe, aber Hampbens Argumente gegen die Anwendung in der Gegenwart waren in den Augen des Boltes durchschlagend. Seitdem mar fein Rame in

130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e u. ale Republif.

Aller Mund. Immer größer wurde bas Diftrauen gegen die Richter und Besetestundigen, die aus der Bflicht des Ronigs, das Reich zu vertheidigen und gu regieren, ein Recht herleiteten, eigenmächtig von den Unterthanen die Mittel Dagu ju fordern und ju erzwingen. "Unter dem Dbertribunal ber Sterntammer wurden die Gerichte terrorifirt und gegen Biderspenftigfeit jeder Art mittelft eines polizeilichen Schredensspfteins berfahren."

Ratholife

Bie groß übrigens die Ungufriedenheit bes Bolls über die ungesetliche Dengen. 3wangsbesteuerung immerhin sein mochte; fie schnitt nicht so tief ins Fleisch als Die Barte, womit der Ronig feine Biberfacher behandelte, als der religiofe Drud, ben ber Sof und die um die Ronigin geschaarte tatholische und hochfirchliche Camarilla gegen die Bekenner abweichender Doctrinen ansübten. Die Stuarts, sewohl Jacob als Rarl waren rachfüchtiger Ratur; nie verziehen fie eine Beleidigung und ihre Biberfacher haften und verfolgten fie aufs Blut. Die verhafteten Parlamentsglieber, Die fich weigerten vor Bericht zu erscheinen, wurden fo ftrenge behandelt, daß einer von ihnen, Elliot im Tower ftarb, und gegen den aufftrebenben Buritanismus wurde mit einer Barte und Berfolgungefucht borgegangen, die mit ber gegen die fatholischen Recufanten genbten Rachficht einen grellen Contraft bilbete. Bon bem Grundfat ausgehend, bag bem Ronig die hochfte Entscheidung in Rirchensachen zustehe und bag es ein Borrecht der Krone sei, von tirchlichen Gesehen zu bisdenftren, bob Rarl die Strafbestimmungen gegen die Ratholiten entweder gang auf ober geftattete ihnen, fich burch eine geringe Abgabe von der Befolgung ber Uniformitätsgefete loszukaufen. An ungabligen Orten wurde tatholifder Gottesbienft gehalten; die Ronigin und die Gefandten ber tatholifden Sofe feierten in ihren Rapellen, wo englische und frembe Glaubensgenoffen Butritt batten, die Befte ibeer Rirche mit der größten Bracht, mit allen Geremonien und höchster Runftentfaltung; die Seminarien bes Jeftlandes, in ben Tagen ber Elifabeth der Beerd bes Franatismus und der Mordanfalle, blubten nach wie vor und entfendeten allfährlich hunderte von Weltprieftern und Ordensleuten aber ben Ranal. Gin pabstlicher Agent, ber feinen fcottifden Ramen Con mit dem italienifirten Cuneo vertaufcht hatte, gab fich alle erdenfliche Dube, den Ronig que Abicaffung ober boch jur Abanderung bes nach der Bulververschwörung von Rönig und Parlament eingeführten "Cides der Treue" zu bewegen. Er meinte, Rarl tonne bies auch ohne Buftimmung bes Reichstags traft feines Dispensations rechtes bornehnen.

Der papftliche Agent mochte auch einige Andeutungen fallen laffen, daß der Ronig durch eine Bereinbarung mit Rom an Macht und Ansehen unter den Potentaten Guropa's gewinnen würde. Dies ing jedoch nicht in der Abficht des Monarchen und feiner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Rathgeber. Rarl mar nicht minder als fein Bater von dem lebhaften Befühl durchdrungen, daß das Rönigthum eben fo fehr in göttlichem Rechte berube, eben fo febr eine gottliche Anordnung fei, wie bas Papftthum. Seine Buneigung für die tatholifche Rirche hatte hauptfächlich ihre Quelle in feiner Bewunderung fur Die oberhirtliche Autorität und die hierardifchen Ordnungen. Er ftrebte weniger nach einer

Bereinigung mit ber romifden Papfifirche als nach der Entlehnung und Uebertragung ibrer Inflitutionen und ihres bierarchifden Glanges in die anglicanifche Cpiscapallirde. Der Ronig und feine Rathe "wollten die bifcofliche Berfaffung ju einer ber vornehmften Grundlagen ber bochften Gewalt machen".

Diefe tatholifirende bochfirchliche Anfchanungsweise fching in bem Bergen End und bie bes Ronigs um fo fester Burgeln, als er feine politifchen Biberfacher entagen- tat gesetten Tendengen auftreben fab. Biele Mitalieber ber Opposition befannten fich ju den demotratischen Grundfagen der Buzitaner und Bresbaterianer, und je mehr ihre politischen Bestrebungen und Biele im Bolle Antlang fanden, besto größere Berbreitung erlangten and ihre religiofen Anfichten. Beiben Richtungen trat Rarl mit Enticiebenheit entgegen; und wie er in Beziehung auf Bolitit und Staatsverwaltung hanptfachlich fich bes Rathes und ber Mitwirtung bes Lord Strafford bediente, so in firchlichen Dingen des Bischofs William Land von London, beffen Grundfate von bem göttlichen Rechte des Ronigthums und bem leidenden Geborfam der Bolter feiner berrichfüchtigen Ratur eben in febr aufagten, wie beffen Reigung für tirchliche Geremonien und pomphaften Gottesbieuft feiner geheimen Borliebe für den Ratholicismus und beffen hierarchifche Ordnungen. Immer schroffer trat ber religiofe Zwiespalt zwischen bem hof und ber Regierung einerseits und den burgerlichen Kreisen ber Bevölkerung andererseits au Tage. Duste nun nicht bei ben befannten Sympathien aller Stuarts für ben Ratholicismus und bei dem wachsenden Einfluß der Rönigin, in deren Umgebung man nur Ratholifen ober Convertiten fab, Die burch Briefter und beimliche Jeiniten bon verdächtigem Streben mit dem romischen Bof verkehrte und durch ihre frangofische hertunft in die papistisch elleritale Atmosphäre gestellt mar, in ber protestantischen Ration die Beloranik erwachen, daß man die Reformation, die in bochfirchlichen Rreisen als Schisma bellagt warb, rudgangig machen, burch Steigerung ber tatholischen Anglogien, ber bierardischen und ritualiftischen Glemente in ber anglicanischen Kirche die Unterschiede mit ber römisch-papistischen Beltfirche allmählich verwischen ober abschwächen wolle, bis bie Biebervereinigung burchgeführt werben konnte? Die anglikanische Episcopalkirche ichien bermoge ihrer bierarchischen Berfaffung und ihrer liturgischen Gebrauche besonders geeignet, die Brude au bilben aur Bereinigung ber getrennten Glieber mit ber romifchen Gefammtfirche. Bon vielen bochaeftellten Mannern, von Arundel, Befton, Cottington, Binbebant mar es fower au fagen, ob fie fich au bem romifchen ober anglicanischen Katholicismus befannten. Bischof Laud, ein conservativer und reactionarer Hofpralat, ber burch fein ferviles Eingeben auf Die bochfirchlichen Reigungen der toniglichen Familie und durch Budinghams Gunft rafch auf der Stufenleiter ber hierarchie emporgestiegen war und nun, nachdem ber gemäßigte Abbot nach fünfjähriger Suspenfion aus ber Welt geschieben, zu ber ersten firch, 1633. lichen Burbe bes Reiche, bem erabischöflichen Stuhle von Canterburd erhoben ward, schien ber rechte Mann au sein, diesen Uebergang au vermitteln. Es mag

nur eine Rachrede feiner Gegner fein, daß man ihm in Rom den Cardinalshut als Breis feiner Converfion angeboten; aber feine Devotion gegen ben Papft, in bem er ben mabren Batriarchen bes Abendlandes erfannte, mabrend berfelbe in ber ftrengproteftantischen Belt als ber Antidrift bezeichnet marb, seine tatbolifie rende Richtung, die er burch Aufftellung von Altaren ftatt ber Communions tafeln, burd Restaurirung der Rirchen im alteriftlichen Stile und Ausschmnedung berfelben mit Bilbern, Erueifiren, Ornamenten, burch Mehrung ber Ceremonien und ritualiftifden Gebrauche im Gottesbienft, burch Empfehlung ber Ohrenbeichte, ber Aniebengungen und anderer symbolischen Sandlungen an ben Sag legte, schienen bie Gerüchte von einer beabsichtigten Bieberherstellung bes Ratho. licismus zu bestätigen. Auch fchrieb man ihm ben ermahnten Bufat zu ben Glaubensartiteln gu, wonach die Autorität der Rirche nicht durch die Unifor-

Malgione mitatsatte befchrantt fein follte. Gin ftrenger hierotrat, der bas Bifchofthum für annern eine gottliche Inftitution hielt und jeder Rirche, die feine bischöfliche Berfaffung

batte, ben Charafter ber Chriftlichkeit absprach, war Laub vor Allem willig und bereit, Die firchlichen Strafgesete, Die man ben tatholischen Recusanten gegenüber unbeachtet ließ ober nur jum Schein ausführte, in ber rigoroseften Beise gegen bie puritanischen Ronconformisten in Anwendung ju bringen. Die einft in der byzantinifden Beit zur Schmach ber Menschheit geubte Unfitte ber Ohren- und Rasenverftummelung lebte wieder auf. Schon als Bischof von London hatte Laud einen Buritaner, Leighton, wegen eines Libells gegen Sof und hierarchie Dieser entehrenden Strafe unterworfen, ebe er ibn in ben Tower einschließen ließ. Mit ber zunehmenden Reaction in Staat und Rirche wuchs auch die religiofe Berfolgung und ber Gewiffenszwang. Bwei "Inquifitionshofe" aus ber terroriftischen Beit ber Tubors, bie "hohe Commission", welche traft ber höchsten Gerichtsbarteit bes Ronigs in Religionssachen alle Uebertretungen geuftlicher Ordnungen bor ihr Forum zog, und bas Tribunal, welches in ber "Sternkamnier" feine feierlichen Sigungen in glanzenden Prachtangugen hielt, verhangten harte und ent-

ehrende Strafen über die Begner bes herrschenden Spfteme. Pronne, ein puritanischer Siferer, Mitglied von Lincolns-inn, wurde verurtheilt, beide Obren gu verlieren, am Pranger ju fleben und eine fchwere Geldbufe und ewige Gefangenschaft zu leiden, weil er in einem ausführlichen Buche "Geißelung der Siftrione" Tang, Mastenaufzuge und Schauspielmesen, an benen ber Bof Gefallen fand, als Berte bes Teufels verdammt hatte. Lilburne, ein agitatorifches Talent von radicalen Anfichten, wurde von Fleetprifon nach Beftminfter durch die Strafen

Beltluft unb

Es ift befannt, mit welchem Belotismus von jeher die Calviniften, insonderpuritanifche Rresbyterianer, alle Beltluft bekampften; der "Sabbat" follte nur mit Bebet und Andachtsübungen verbracht werden, alle raufdenden Bergnugungen, alle Buhnenvorstellungen waren in ihren Augen schwere Berfundigungen, unwurbig eines ernsten Chriftenmenschen in Diefem irdifchen Sammerthale.

gepeitscht und bann in Gifen gelegt.

bijchöflichen Rirche mar man nachfichtiger. Die Bollsbeluftigungen wurden erlaubt

und begunfligt; im Gegenfas zu ber puritanischen Sabatbheiligung wurden an Sonntagen Spiele und beitere Bergnugungen empfohlen; Theater und Schaufpiel erfreuten fich ber Sunft bes hofes und ber vornehmen Gefellichaft; die bramatifche Poeffe feierte ihre lette Nachbluthe. Auch die andern schonen Runfte wurden von bem Ronig und ber Ariftofratie geforbert. Alle Gallerien Englands liefern Beweife, mit welchem Gefchmad und feinem Ginn ber englifche Fürft, beffen Ratur mehr ber idealen Gebanken- und Gefühlswelt als dem realen Leben zugewendet war, Aunstwerke aller Art sammelte. Rubens und van Dot verlehrten in den bochften Gesellschaftstreifen. Bie mußte fich nun der herrscherftolz des Stuartichen Monarchen verlett fühlen, wenn in Schrift und Rebe diefe Reigung verdammt wurde; wenn puritanifche Prediger die Beltluft des Bofes, die Soffart des Bralatenftandes, die Auswuchse bes Bapismus in icarfen Borten tugten und als Borboten und Bert. zeuge bes irbifchen und emigen Berberbens binftellten, wenn fie Ben Jonfons Spiele für frivol, die schonen Gemalde bald für gobendienerisch, bald für unschicklich erflarten? Bwei Geistebrichtungen und Seelenzustände durchzogen bas Land gleich amei Raturfraften, die einander entgegenarbeiten. Roch batten die absolutiftischen und hochfirchlichen Tendengen die Oberhand, und je mehr bie Staatsgewalt gur Unumidrantheit aufftrebte, befto mehr nabm fie ben erclufiven Charafter und die ftrenge Farbung der tatholifden Rirchenmacht an. Durch Branger, Ginterferung, Gliederverftummelung und andere entehrende Strafen fuchten bie geiftlichen Gerichte ben puritanischen Starrfinnn zu brechen. Aber die Berfolgungen erzeugten neue Marthrer; die Buritaner wurden aus verachteten Sectirern gepriefene Rampfer für religiöfe und politische Freiheit, für die altehrwürdigen Juftitutionen ber Ration. Buritanische Brediger, Die von dem zelotischen Sobenpriefter in Canterburd unbarmbergig von ihren Stellen vertrieben und bem Elende preis. gegeben wurden, zogen im Lande umber und reizten burch fanatische Reben die erhitten Gemutber. In biblifchen Borftellungen und Bilbern fich bewegend mandten fie bie Beichichtbergablungen bes alten Teftaments, Die Sprache und Ausbrudeweise und Die Erguffe ber Inbrunft auf Die englischen Bebeneverhaltniffe ber Gegenwart an und betrachteten fich und ihre Biberfacher im Spiegelbilb ber heiligen Schrift. In Diefer Beit ber Bebrangnig verließen viele Gegner ber Answante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Thrannei die Beimath und folugen ihre Belte in der Rorbames beulenden Bildnif Amerita's auf, um bie fuße burgerliche und religioie Freibeit ju genießen. Robinfon, einer der angesehenften und beredteften Independenten-Brediger, hatte querft ben Gedanten ber Auswanderung in Die glaubigen Bergen gepflangt, bon ber hoffnung erfüllt, "bem Reiche Chrifti ben Beg zu bahnen bis an die außersten Enden der Erde, follten fie felbst auch nur die Steine fein, über welche Andere weiterschreiten murben". Selbft reiche und angesehene Edelleute, wie der Carl of Barwid, wie die Lords Broot, Say, Scale, und zahlloje Blieder ber landbefigenden Gentrh festen über bas atlantifche Meer, um fich an

ber Maffachusetsbap und in anbern Gegenden bauslich einzurichten. Das Baterland hatte für fie teine Reize mehr, feitbem ihnen burch Bernichtung ber Barlamente ber Ginfluß auf die öffentlichen Angelegenheiten, auf ben Ausbau bes Staates entriffen war, feitbem an Selle bes parlamentarischen Befeges. und Rechtsstaats ber Bater eine militarisch - bespotische Monarchie Boden zu faffen brobte, feitbem fich Richter und Beamten gebrauchen ließen, bem foniglichen Abfolutismus und ber bischöflichen Berfolgungefucht als Bertzeug zu bienen und burch fophistische Auslegungefunft ober fervile Boblbienerei Die Bandesgesete und die angebornen Menschenrechte ju Gunften einer angeblichen Souveranetat der Rrone und einer bierarchifchen Glaubens. und Gewiffenstprannei gu beugen und zu migbrauchen. Jahr fur Jahr fegelten zahlreiche Schiffe mit Auswanderern über ben Ocean, die Borfahren ber angelfachfifchen Bevolkerung ber jegigen Bereinsftaaten. Go fart war ber Bubrang, daß ein tonigliches Berbot gegen fernere Auswanderungen erging. Debrere Borfechter ber nationalen Freiheit, die fich in der Folge in den Reihen der parlamentarischen Opposition einen gefürchteten Ramen machten, wurden durch diefes Berbot im Lande zurudgehalten. John Pym, der Bortampfer gegen Monopole und andere Auswüchse der konia. lichen Prarogative, hatte bereits in Maffachufets einen Landbefit erworben.

## 3. Die Vorgange in Schottland.

Ronig Rarl mertte nicht, daß fein Thron auf einem gahrenden Bulcan cobat. ftand, bis die glaubeneftarten Schotten die Fahne ber Emporung gegen ben Sohn ihres Landes aufpflangten. Die firchliche Conformitat, die der Ronig wie fein hochfirchlicher Bralat fo eifrig in England zu begründen befliffen war, follte auch in ben andern Staaten bes Inselreiches jur Geltung tommen. "Der tonig. liche Supremat über die Rirche follte durch die engfte Berbindung mit den proteftantischen Bischöfen zu einem bie brei Reiche umspannenden Mittel ber bochsten Gewalt gemacht werben". 3m Jahre 1634 hatte ber Lordstatthalter von Irland Thomas Bentworth bewirtt, das die Berfaffung ber irifch-protestantifden Rirche. welche einst ber Erbischof James Ufber von Armagh eingeführt hatte, von den calbinistifc presbyterianischen Bestandtheilen, die man aus Rudficht für Die icottifden Anflebler ber Infel barin aufgenommen, burch bas Parlament und Die Conpocation von Dublin beseitigt und die vollkommene Uebereinstimmung mit der anglicanischen Episcopalfirche bergestellt ward. Aehnliches wurde nun auch in Schottland verfucht. Bir miffen, daß icon Jacob I. das Bifchofthum in feinem Beimathland wieberbergestellt und Spottiswood zum Erzbischof und Brimas eingesetht hatte. Aber er tannte fein Bolt und billigte bas gemäßigte Borgeben Dieses Pralaten. Die Generalbersammlung nibte nach wie bor die legislative Gewalt; man begnügte fich, wenn die presbyterianischen Prediger ber ftrengen Richtung teinen offenen Biderstand erhoben, sonbern mit "paffivem Behorfam" die neuen Ginrichtungen bulbeten ohne fie zu befolgen. Man brudte

Togar ein Auge au, als die unter dem Ramen der "fünf Artifel von Berth" betannten Satungen, zu welcher ber Primas die Majorität der Berfammlung 1618. erlangt hatte, von ben Eiferern nicht angewendet wurden.

Danach follte das Abendmahl mit Aniebeugung empfangen und die Beler der Die Artikel boben Refttage eingeführt werben. Gegen Beibes erhoben bie Bresbuterianer Biberfprud : Benes fel nicht in den Ginsehungsworten begrundet, diefes enthalte Anklange an das Seibenthum. Ge ift und betannt, bas in ber calvinifd-presbyterianifchen Rirche nur Der Tag des herrn als heiliger gesttag angesehen ward und daß die strenge "Sabbathfeier" eine daratteriftifde Sigenthumlichteit aller puritanifden Religionsgenoffenschaften mar.

Aber die Antipathie gegen "Bralatismus" war den presbyterianischen Bre- Bresbyteri» bigern zu tief in Fleisch und Blut gebrungen, als bag bie Opposition bagegen und Bratajemals verftummt mare. Schon feit ben Tagen bes Reformators trat bei ber Schottischen Geistlichkeit ein lebhafter bemotratischer Gleichheitsfinn bervor. Im Gefühl ihrer Macht und ihres Ginfluffes beim Bolte verschmabten fie jeden Glanz. jede Erhöhung von Seiten des Throns. Sie wollten im Barlamente nicht bertreten fein, weil fie fich ftart genug fühlten, ohne weltliche Autoritat ihren Ginfluß und ihr Ansehen zu behaupten, sie wollten teine hierarchische Rangordnung, bie ben Chrgeizigen und Stolzen jum Abfall von ber gemeinsamen Sache verlodt, burch Berleihung bober Burben an einzelne Bevorzugte über die große Maffe ber niedern Geiftlichen Geringschatzung und Digachtung gebracht und burch Begrundung einer Rangverschiebenbeit ihre Gintracht und ihr gemeinsames Streben nach einem gemeinsamen Biele gestört batte. Es war weniger ber Glaube an die gottliche Einsehung ihrer Rirchenform als die richtige Ginficht, bag ihre Macht hauptfächlich in ber bemafratischen Gleichheit und in ber apostolischen Arnuth der Diener der Rirche beruhe, mas fie zum hartnädigen Rampf aegen bes Ronias bierarchische Bestrebungen beseelte: es mar nicht avostolische Demuth, es war priefterliche Berrichsucht, die fich gegen jeden Rangunterschied ftraubte, es war ein unbeugsamer bemotratischer Stold, ein ftarter Corporations. geift, der ben presbyterianischen Rlerus jum Borfechter priefterlicher Gleichheit machte. Darum waren gerabe die begabteften, gelehrteften und thatfraftigften Brediger, die am erften auf Beforderung batten rechnen tonnen, die eifrigften Antageniften der bischöflichen Ordnung; nur charafterschwache unbedeutende Manner, benen ber Muth ober die Rraft zum eignen Aufschwung fehlte, griffen nach der fremden Gunft, die ihnen Rang und Auszeichnung ohne Dube und eigenes Ringen autbeilte.

Diefer demotratifche Beift trat nun in icharfen Gegensat zu dem in England Die bifcof berrichenben Rirchenspftem. Schon im Sabre 1633, als Rarl zur Rrönung nach u. ber Bolte. Edinburg tam, begleitet von dem Erzbischof Laud, gab er feine Abficht zu er- Gbinburg. fennen, die von feinem Bater begonnene Uniformirung der fcottifden und eng. 1697. lifden Rirche in Berfaffung und Cultus vollständig burchauführen. Gin pruntvoller, reichbefoldeter Bralatenftand follte ben bemofratifden Stola und die

presbyterianische Bleichheit vollends brechen und Chrgeig, Egoismus und menich: liche Schwachheit unter bem Bredigerftand weden; Die bijcoflichen Gerichtehofe follten bie Spnoben und Bresbuterien ganglich verbrangen und erfeten; ein neues geiftliches Befetbuch follte ber legislativen Dacht ber Rirchenversammlung ein Ende machen und bem toniglichen Supremat Eingang verschaffen, bas "Allgemeine Gebetbuch" ben freien Predigten und Gebeten Schranten fegen und ber anglicanische Ornat und Rirchenschmud die Erinnerung an die alte Beit ber firchliden Freiheit und apostolischen Armuth allmählich vertilgen. Bei ber Rronungefeier fah man wieder die Bifcofe in Sammet und Seide gefleidet mit altfirchlichem Bomp inmitten bes Abels in bas Parlament reiten. Gine Reibe von Anordnungen wurde in ben nachften Jahren getroffen, um die beabsichtigte Conformitat ju erzielen. Die ichottischen Cbelleute und Clanhaupter, Die burch die Reformation an Reichthum und Gerechtsamen bedeutend gewonnen batten. follten zur vertragemäßigen Abtretung ber Bebnten und zur Berausgabe eines Theiles der eingezogenen Rirchenguter angehalten werden, damit die Bisthumer reichlicher ausgestattet werden tonnten. Die bobe Commission wurde eingefest und ging fo ftrenge zu Berte, bag bie Schotten behaupteten, bas Bericht übertreffe an Barte und Graufamteit bie fpanifche Inquintion. Die bischöfliche Jurisbiction erhielt die weiteste Ausbehnung und von ber Liturgie, die Baud mit zwei andern Bifchofen in England aufstellte, hieß es, "daß darin bem englischen Ritus, ber icon zu viel von bem romisch-tatholischen beibehalten babe, noch neue Ceremonien hinzugefügt worben feien von entschieden papistischer Tendeng". Gine große Aufregung erfaßte alle Stande: ber Abel fürchtete fur feinen Befitftand und feine Berechtfame, bas Bolt fur fein Geelenheil, Die Beiftlichfeit fur ihre firchliche Freiheit. Bie in ben Tagen ber Reformation (X, 883 ff.) wurden gebeime Berfammlungen der Glaubigen abgehalten, ju benen man fich mit Saften und Bebet vorbereitete. Endlich erfolgte die amtliche Ginführung ber Rirchengesete und ber Liturgie und fachte die Gluth gur lobernden Rlamme an. Als am 23. Juli 1637 in der Rathedrale von Edinburg in Gegenwart aller Burbentrager bes Staats und ber Rirche ber Gottesbienft nach bem neuen Ritus abgehalten werden follte, entstand eine unruhige Bewegung. Um bem religiofen Afte mehr Beierlichfeit zu geben und allen Wiberfpruch, ber fich bie und da bervorgewagt, niederzuschlagen, hatten fich die Bischöfe, voran der Brimas Spottiswood, ben der Ronig jum Reichstangler erhoben, fowie die meiften Mitglieber bes geheimen Raths, ber hohen Berichtshofe, ber ftadtischen Obrigfeit eingefunden. Raum aber hatte ber Dechant bas Buch geöffnet, fo erhob fich aus ber Mitte ber Buhörerschaft ein wilder Tumult gegen die Errichtung bes "Baal-Dienftes". Die Menge fcrie: "Papft! Autidrift! fteinigt ibn!" Stuble murben nach bem Beiftlichen geworfen. Als man die tobende Schaar, bei ber fich bie Beiber am lauteften vernehmen ließen, aus der Rirche entfernte, konnte bie Liturgie und Predigt nur unter fortwährenben Störungen von Außen, unter

Steinwürfen gegen Genfter und Thuren, unter larmenden Ausrufen gu Ende neführt werben. Mit Noth murbe ber Bischof auf bem Beimmege vor ben Iniulten und Angriffen bes Bolks gerettet. Die Bewegung mar fo groß, daß man nicht zur Beftrafung ber Ungesetlichkeiten zu schreiten magte und bis auf weitere Berhaltungsbefehle von Seiten des Ronigs die neue Liturgie einzustellen beschloß.

Dies gefchah um diefelbe Beit, ba auf bem Continent nach ber Schlacht Confeffice bon Rordlingen und bem Prager Frieden die Sache bes Protestantismus im gung. Riedergang begriffen mar und bas fpanisch-öfterreichische Saus bie größten Unftrengungen machte, ber tatholischen Religion jum Sieg und zur Berrichaft ju verhelfen. Bei ben Sympathien bes Sofes und ber Regierung von England für Spanien und Rom fab man in dem Thun bes Stuartichen Ronigs und feiner bijdöflichen und reactionaren Camarilla abnliche Tendenzen. Der laute Brotest des ichottischen Boltes gegen die Ginführung einer Rirchenform, welche die Dlebrbeit für papiftifch, gogendienerisch und antichriftlich hielt, gegen bie Berfuche, Die calbinisch-presbyterianischen Ordnungen, die ihre Bater errungen, an die sie die Breiheit und Selbständigkeit ber Ration gefringft faben, burch bochfirchliche fatholifche Inftitute zu verdrangen, fand baber bei allen Glaubensgenoffen Anerfennung und Billigung. In England richteten die gebrudten Buritaner ihre Blide nach Sdinburg und ermunterten in Mingidriften gum ftandhaften Musbarren; Die irifchen Presbyterianer ertannten in der Cache der fchottischen Confeffionsverwandten ihre eigene; die Niederlander, die auf der Dordrechter Synode den lauteren Calvinismus als die mahre Landesreligion erklärt hatten, widmeten den religiöfen Rampfen des Infelreiches, wo der Arminianismus in den ariftofratifden und hochfirchlichen Rreifen fo viele Befenner gablte, bas größte Intereffe. In Schottland felbst nahm der Biderstand gegen die Episcopalfirche immer weitere Dimenfionen an. Schon im August reichte eine Angahl von Geistlichen 23. Aug. eine "Betition" bei bem geheimen Rathe ein, bag bas liturgische Buch, bas weder bon ber Generalversammlung noch vom Parlament bestätigt worden fei, nicht in Bebrauch genommen werbe, die Einführung wurde die Rube ber Gewissen, Die Eintracht im Lande ftoren. Biele Cbelleute und angesehene Manner aus bem gangen Lande unterftugten bas Gefuch. Der bobe Rath moge ben Ronig au bestimmen suchen, daß er von dem Borhaben abstehe. Biele, die fich der neuen Ordnung gunftig gezeigt hatten, traten zu ber patriotischen Opposition über.

Aber wie follte ber ftolze eigenmächtige Ronig einem Biberftande weichen, Der Konig der fo herausfordernd an ihn herantrat! Er wies zwar die Betition nicht gerade presbyt. jurud, behielt fich aber die endgültige Entscheidung vor. Buerft mußte Rube und Gehorfam bergeftellt fein. Dem geheimen Rathe nahm er die Bollmacht in firchlichen Angelegenheiten ab und verlegte beffen Sigungen nach Linlithgow, um ihn außer Berührung mit dem aufgeregten Bolte zu bringen. An dem Tage, da man den königlichen Bescheid erwartete, es war der 17. Oktober, hatte sich tine große Angahl von Seifleuten, bon Beiftlichen und bon Mammern aller

Stande in Chinburg eingefunden. Als ihnen bie Antwort befannt geworben. beschloffen fie, um Beit zu gewinnen und ber Aufrichtung ber Episcopalfirche einen Riegel vorzuschieben, die Bischofe megen Uebertretung ber Reichsgefete bei der höchsten Landesbehörde angutlagen : "denn die feien die Urheber der beiden Bucher, burch welche die im gefetlichen Bege eingeführte Lehre und Rirchenverfaffung umgestoßen, das Band zu Aberglauben und Gögendienst zuruckgeführt werden folle". Bugleich tamen fie überein, falls die hobe Commission gegen die Unterzeichner ber "Betition" gerichtlich vorgeben wurde, jede Enticheibung abgulehnen und fich dabei gegenseitig zu unterstützen. Es war der erste Schritt einer Auflehnung gegen die Befehle bes Staatsoberhaupts, aber noch verhüllt und auf Rebenwege abgelenkt. Man vermied es, dem König geradezu den Geborfam aufzusagen, aber man traf Bortehrungen, der Gewalt zu widersteben. Dan mablte einen Ausschuß aus ben vier Stanben bes Abels, ber Beiftlichfeit, ber Gentry und bes Burgerthums, "Tafeln" genannt, welcher in Chinburg feinen Sig haben und die Geschäfte leiten follte. Bugleich war man bemubt, jeben Boltstumult, jebe ungesetliche Rundgebung ber aufgeregten Stimmung zu berbinbern.

Im December traf ein neuer Befcheib bes Ronigs ein. Darin fucte er bie religible Aufregung ju beschwichtigen, indem er erfarte, "bag er ben Aberglauben bes Bapfithums in tiefer Seele verabicheue und niemals etwas thun werde, mas bem Betenntnis ober ben Gefesen feines Ronigreichs Schottland entgegenlaufe". Aber er behielt fich die Bestrafung der Ungehorsamen bor und nahm die firchlichen Berord. nungen nicht gurud. In feiner zweibeutigen Beife gebachte er burch bage Rebensarten ber Bewegung Meifter ju merben, bis er Beit und Mittel fande, feinen Blan burchaus führen. Un ein offenes Burudweichen war bei bem binterhaltigen Fürften nicht gu benten. Das trat gang flar in feinem Berhalten gegen Lord Traquair ju Tage, ber im Auftrage bes geheimen Rathes die Antlagefdrift gegen die Bifcofe nach London brachte und ben Ronig gur Burudnahme der firchlichen Anordnungen gu bewegen fuchte. Rarl erflarte, bas die Bifcofe nur nach feinem Billen gehandelt batten, bas er die Berantwortlichfeit ihres Thuns auf fich nehme und daß die Religionsbucher, an beren Abfaffung er felbft Theil gehabt, echt driftliche Sahungen enthielten und gur Ginfuh' rung tommen mußten. Rur wenn darin Gehorfam geleiftet wurde, ftellte er Berzeihung des Bergangenen in Ausficht.

So befanden sich denn die Schotten in einer ähnlichen Lage wie zu der Zeit, als sie sich von dem "papistischen Göpendienst" lossagten (X, 880 ff.), und sie betraten auch ähnliche Bege. Deun die liturgischen Reuerungen Karls galten ihnen als einleitende Schritte zur Restauration des römisch-tatholischen Kirchen, wesens, gegen das die Bäter einst mit ihrem Herzblut gekämpst. Die Berdünses. beten beschlossen daher in einer neuen Zusammenkunst das Beispiel ihrer Borfahren nachzuahmen, den alten "Covenaut" zur Beschühung der reinen Religion und Kirche gegen papistische Irrlehren und Verderbnisse zu erneuern. Auf Grund der alten Urkunden wurde von Alegander Henderson und dem Rechtsgelehrten

Archibald Johnston ein ben gegenwärtigen Berhaltniffen entsprechendes Attenftud und Glaubensinftrument aufgestellt und nach Berlefung in ben Rirchen in Edinburg und im gangen Sande gur Unterfeichnung bargeboten. Da zeigte fich benn, wie tief die religiose Begeifterung und Glaubensgluth in alle Gemuther eingebrungen mar. "Ich war jugegen", ergablt ein alter Bresbyterianer, "als in Lanert und an andern Orten nach ber Morgenpredigt ber Covenant verlesen und beschworen ward, und ich tann berfichern, daß ich in meinem Leben nie eine folche bom Beifte Gottes ausgegangene Bewegung geseben; Die gange Bevölkerung bes Ortes stromte aus eigenem Antrieb zusammen und ich habe wiederholt bemertt, wie Taufenbe von Menfchen ihre Bande in die Bobe ftrecten und babei Ehranen vergoffen, fo daß im gangen Reiche alles Bolt, mit Ausnahme einiger offentundigen Papisten und der Benigen, die um niedriger Zwede willen den Bifchofen anhingen, bem Bunde Gottes jur Befchützung ber Religion wiber Bralatenthum und Ceremonien beitrat." Die erften Manner bes Banbes, woran der Carl von Sutherland, unterzeichneten bas Attenftud, manche mit ihrem Blute. Benn die heilige Urfunde durch die Strafen ber Städte getragen ward, folgte die Bolksmenge mit Jauchgen und Freudenthranen.

Roch aber schritt man nicht zum Aufstand; bem Ronig wurde nicht ber galtung bes Gehorfam gefündigt, die Brude einer Berftandigung wurde nicht abgebrochen; noch traten bie Borfteber bes Covenants nur als Bittende auf. In einer neuen Betition und Borftellung verlangten fie die Biederherstellung ber alten Sandes. tirche, die Buruderstattung ber legislativen Gewalt an die General-Affenible, die Aufhebung der hoben Commission und die Ginleitung einer gerichtlichen Unterfuchung und Beftrafung ber Bifchofe. Der Ronig fab in Diefer Forderung eine Berbohnung feiner Majeftat. Mußte es nach feiner Ibee von ber gottlichen Gewalt bes Rönigthums ihm nicht als Abfall 'und Emporung erscheinen, wenn ein aus eigener Machtvolltommenbeit gusammengetretener Bollerath Forberungen an ihn ftellte, burch beren Bewährung er fein ganges bisheriges Regierungs. foftem verleugnet, feine fo mubfam begrundete Souveranetat gerftort, ftatt bes von Gott flammenden Ronigrechts eine Bollshoheit, eine von unten ausgehende Staats- und Rirchengewalt anertanut batte? Rimmermehr tonute er fich au einem folden Entfolus auffdwingen, ben Matel einer folden Sinnesanderung auf fich laben. Bevor er jedoch zur Gewalt fchritt, beschloß er noch einmal ben Weg ber Bermittelung und Ausgleichung ju betreten. Er glaubte, bag bie gange Bewegung von einigen malcontenten Führern ausgehe, das die Begeisterung für ben Covenant weder fo tief begrundet noch fo allgemein verbreitet fei; er wußte, daß viele vom Abel royaliftisch gefinnt waren, daß viele Prediger und Laien die legislative Gewalt und Jurisdiction lieber in der Gemeinschaft der Bijchofe als in der Generalfynode ruben faben. Er gab noch nicht alle Soffnung auf. Benn er auch jur Beruhigung ber aufgerenten Gemuther bie firchliche Reuerung vorerft fallen ließ, so brauchte er fich boch barum nicht für alle Beiten

140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e Republif.

die Bande zu binden, so brauchte er boch darum nicht dem Brinzip zu entsagen, feine bischöflich-ropalistifchen Ideen aufzugeben.

Camiltons Biffion.

In diefem Sinne entfandte Rarl einen ichottifden Ebelmann von vornehmer Abtunft, ber von Jugend auf mit dem englischen Bofe in naben Beziehungen geftanden, mit einer Richte Budinghams vermählt mar und bes Ronigs volles Mai 1838. Bertrauen befaß, James Hamilton, als Bevollmächtigten nach Edinburg. dem hochgeftellten, verftandigen und gemäßigten Manne glaubte Rarl den geeigneten Botichafter fur eine Miffion ju ertennen, welche auf ber einen Seite glatte Borte und verfohnliche Bufagen bringen, auf ber andern eine beimliche Pforte zu kunftigem Entflieben offen laffen follte. Der Sprögling bes altichottischen Befchlechtes, bas mit bem foniglichen Sause verwandt, in die Beschichte bes Landes fo tief verflochten mar, follte der Berfundiger und Interpret der wohlwollenden Abfichten und Gnadenerweifungen Rarls fur bas Beimathland der Stuarts fein, ohne jedoch die im Grund der Seele verborgen liegenden Bebanten bes Ronigs zu tennen. Samilton entledigte fich feines Auftrags mit großem Geschid. Er ließ verfundigen, daß der Ronig von den Reuerungen in Rirche und Staat abstebe; bag er ben alten Covenant, wodurch fich einst fein Bater zur Fernhaltung aller tatholischen und papistischen Tendenzen verpflichtet habe, herftellen und veröffentlichen wolle; daß auf den Rovember ein Parlament und eine Beneralversaminlung einberufen werden folle; dafür follte ber ohne tonigliche Autorisation geschloffene Covenant, ber die Möglichkeit eines Biberftandes durchscheinen ließ, aufgelöft werben. Bas Samilton im Ramen bes Ronigs berkundete, maren Bugeftandniffe von großer Tragweite; mehr hatten Die "Betitionen" nicht verlangt. Und bennoch genügten fie nicht mehr ben fortgeschrittenen Unsprüchen; bas verhängnisvolle "Bu spat", bas fo oft bei revolntionaren Bewegungen bas Beichen mar, bag die bereits in Aftion gefette Boltstraft fich ihres unfehlbaren Sieges bewußt fei, übte fein Recht. Bie fehr auch ber geheime Rath, einzelne Sbelleute, gemäßigte Geiftliche die Annahme der von Samilton bargebotenen Gaben zu erwirken fuchten; die Anhanger und Unterzeichner des Covenants bildeten die Mehrheit, beberrichten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terrorisirten wohl auch die ropaliftisch und bischöflich Gefinnten. Der neue Bund murde als das toftbarfte Rleinod der Nation, als der Edftein ber

auf unmer ledig zu werben. Unter folden Gindruden murben die Bahlen zu ber Affembly in Glasgow fynobe von

firchlichen Freiheit und Gleichheit gepriefen; eine Geherin erflarte ibn fur eine Eingebung Gottes. Rur auf Diefem Bege glaubte man der bifcoflicen Inftitution, die wie ein Alp auf bem Raden bes presbyterianischen Schottland lag.

Sie murden volltommen beherricht von bem Ausschuß des Covenants in Edinburg; fein bijcoflich Gefinnter wurde gewählt oder magte feine

<sup>21.</sup> Nov. Gefinnung laut werden zu laffen. Um 21. Rov. trat bie Berfammlung in der Rathebrale ber genannten Stadt ausammen und mablte ben fühnen energischen

Benderson zum Moderator, den rechtstundigen Johnston zum Schriftsührer. Die Berhandlungen begannen mit einem beftigen Angriff auf die Bijchofe, die man in Anklagestand verfegen wollte. Sedes Bresbyterium hatte einen Aeltesten gemählt, fo bag bas Laienelement febr ftart vertreten war. Es waren lauter Manner von ftreng presbuterianischer Gefinnung. Die Bischofe machten geltenb, bag die Bersammlung feinen geiftlichen Charafter trage, folglich nicht über fie richten tonne, und reichten ein "Declinatory" ein. Der Lord Commiffar ftimmte ihnen bei, und da die Anwesenden tropdem in die Berhandlung eintraten, sprach er im Ramen des Ronigs die Auflofung aus, wobei man Thranen in feinen Augen fab. Der Moderator stellte an die Bersammlung die Frage, ob fie dem Befehle Folge leisten wolle oder nicht. Da wurde die Anficht ausgesprochen, daß in geistlichen Dingen Die 28. Ren. Rirche Gottes unabbangig fei von ber Staatsgewalt und ihre Rechte burch Die Brarogative ber Krone nicht aufgehoben werden konnten. Dieser Auficht trat Die ganze Berfammlung mit Ausnahme weniger Stimmen bei und beschloß, ihre Berathungen fortauseben, augleich fich als competenten Gerichtshof über die Bischofe erklarend. Bergebens wurde am folgenden Sag auf dem Markt zu Glasgow eine Berkundigung verlesen, welche alle weiteren Busammenkunfte unterjagte und die Beichluffe ber ungefetlichen Affembly für wirtungelos erflatte; Die Covenanters folgten dem Ausspruch: "man muß Gott mehr gehorchen als den Denschen" und festen ihre Berhandlungen fort. Mit einem Schlag vernichtete die General. versammlung alle firchlichen Schöpfungen ber beiden Stuartschen Ronige und verlieh dem Bresbyterianerthum eine Dacht, wie dasselbe fie nie zuvor beseffen. Die Bischöfe traf Entsehung und Rirchenbann, die Eviscopalverfaffung wurde aufgeboben, bas Gebetbuch mit seiner Liturgie und seinem ceremonienreichen Cultus nebft dem tanonischen Rechtsbuch und der boben Commission für abgeicafft erflatt und der Generalspnode ihre volle autonome Gewalt zurudgegeben. Lange maren die Glieder des gehrimen Raths mit bem Ronig gegangen; aber ichon bei Gelegenheit ber Auflösung ber Generalfanode hatte Lord Lorn, Bergog von Argyle, ein eben fo fähiger als ehrgeiziger Ebelmann, bas erfte Beichen bes Abfalls zu ber patriotischen Bartei gegeben. Seitdem ftand fein Rame an ber Spige ber Covenanters.

Man tann die General-Affembly von Glasgow, worin weltliche Mitglieder Der Rinia aller Stande als Baienaltefte mit Beiftlichen tagten, als eine "conftituirende Rrie. Nationalversammlung" betrachten, die im Gegensatz zu bem Reichsoberhaupte Kirche und Staat nach Bernunft und überliefertem Recht einzurichten unternimmt. In dieser vom Ronig für illegal erklarten Berfammlung sagten die Schotten Allem ab, "was an die alte hierarchie und an ihren Bund mit der Krone erinnerte". Bas blieb bem Stuart nun übrig, als bas widerspenftige Bolt, das feine Autorität abgeworfen, mit den Baffen zum Gehorfam und zur Unterwerfung zu zwingen? Satte er boch icon bem Friedensvermittler Samilton, ale diefer Bedenten außerte über den Erfolg feiner Miffion, die Berficherung

gegeben, daß er im Falle bes Diflingens ju Pferbe fteigen und in eigener Berfon mit englischem Ariegsvoll gegen die Emporer ziehen werbe. Best war diefer Augenblid gefommen. Die beiden Manner, in welche Rarl bas größte Bertrauen feste, Strafford und Laub, maren ber Meinung, daß die Chre bes Ronigs, Die Sicherbeit ber bierarchifch-ropaliftifchen Ordnungen, bie man mit fo großer Anftrengung ins Leben gerufen, dem Monarchen die Pflicht auferlege, die Covenanters zu zuchtigen. Burben fie für ihr treuloses Thun unbestraft bleiben, wie wurden bann ihre Gefinnungsgenoffen in England triumphiren, die Beinde ber anglicanischen Rirche und der königlichen Machtfulle ihr Saupt erheben! Denn daß in den Reiben ber englischen Buritaner wie ber schottischen Presbyterianer Die Sache beider Lander als eine gemeinschaftliche angesehen ward, tonnte man aus einer Menge anonymer Flugschriften ertennen, die ba und bort in die weite Belt ausgingen. Auch jest noch wollte ber König nichts von einer Ginberufung bes Barlaments horen; er glaubte bie hinreichenden Mittel zu befigen, auf eigene Sand ben Rrieg unternehmen ju tonnen. Die Staatstaffe mar leiblich gefüllt. Der lebhafte Seehandel brachte einträgliche Bolle, bas Schiffgelb, fo febr auch beffen Rechtmäßigkeit bestritten ward und zu vielen aufregenden Prozeffen Beranlaffung gab, wurde Jahr aus Jahr ein erhoben und machte es ber Regierung möglich, die Marine in gutem Stand zu erhalten; und wenn auch die Landarmee gering war, fo batte boch Bentworth in Irland bereits ben Unfang gu einem ftehenden Beer gemacht, bas als "Bratorianer bes Despotismus" bie brei Reiche in Unterwürfigkeit halten follte. Man rechnete, und nicht vergebens, auf die Beitrage ber Bifcofe und ber hochfirchlichen Geiftlichkeit, auf bie Unterftugung bes ropaliftischen Abels und ber Ratholifen, auf die freiwilligen Dienfte ber landbefigenden Gentry. Die Bewegung in Schottland wurde unterschatt: man glaubte, daß nur in ben Städten und in einigen fühlichen Landichaften ber presbyterianische Fanatismus Boden gefaßt habe, bei bem Erscheinen eines Seeres würden die nördlichen Clans, wo noch getreue Sauptlinge, wie Graf Suntlo und der Carl of Lennog zu der königlichen Sache hielten, unter die Baffen treten, und mit den englischen Truppen vereinigt die Reinde des Thrones und der bischöflichen Rirche mit leichter Dube ju Baaren treiben.

Die Cone

Alle diese Berechnungen follten fich aber bald als Täuschungen erweisen; Ronigliden. Die Covenauters waren ftart und geruftet. An dem beutschen Krieg batten piek Schotten als Freiwillige Theil genommen; Alexander Leglen batte unter Guffan Abolf im ichmebischen Beere mit Auszeichnung gedient, fo bag er von Orenftierna jum Feldmarfchall erhoben worden mar. Er gehörte einem Clan an, beffen Saupt, Lord Rothes, ein unternehmender vopularer Mann, ju ben erften Führern der Covenanters gezählt ward. Diefer tehrte auf die Ginladung der Landeleute in fein Baterland gurud, begleitet von mehreren andern friegetundigen Rameraden. "Man hatte Anfangs gemeint, daß der unscheinbare Mann von geringer Bertunft, tleiner Geftalt, mit einem Schaden am Bus und icon in

vorgeruckten Jahren bei den ftolgen und prachtigen Magnaten wenig Ansehen erwerben murbe. Aber mas ift unwiderstehlicher in der Belt als militarische Erfahrung und feffelnder als Reldberrnrubm? Alles fügte fich feinen Rath. fcblagen." Als Sames Samilton mit einer Flotte im Frith einfuhr und ber Graf von Arundel ein englisches Landheer, bei welchem fich ber Ronig felbft befand, nach ber ichottischen Grenze führte, tonnte fich Legley mit einer wohlgerufteten Urmee von 20,000 Mann entgegenftellen. Die königlichen Burgen waren bereits erobert worben, die Bewegungen im Norden niedergeschlagen, huntly im Schloffe Cbinburg in Gewahrsam gebracht. Gin Geiftlicher, ber als Beloprediger mit bem Beere jog, ichilbert die religiofe Stimmung, von ber die gange fcottifche Armee befeelt war. "In ben Belten horte man die Soldaten Bfalmen fingen, Bebete berfagen, die beilige Schrift lefen. Brediger mit bem Schwerte umgurtet oder den Karabiner tragend begleiteten die Armee und fteigerten bie Andacht durch feurige Predigten". Bie gang anders mar der Beift im englischen Feldlager! Der lange Friede hatte die friegerische Uebung gebrochen; für die Berpflegung ber Eruppen war nicht hinreichend geforgt; viele Führer und Bords waren mit bem unparlamentarischen Regierungsspflem nicht einverftanden und dem Rrieg mit bem ftammberwandten Nachbarbolt abgeneigt.

Aber auch auf Seiten der Schotten trug man Scheu, den Arm zum letten Die Bacifientscheibenden Schlag zu erheben, auch unter ben Covenantere tonnte fich mancher Bermid. nicht in ben Gebanten finden, bem Ronig auf bem Schlachtfelbe entgegenzutreten. Roch gab man fich die Miene, bag man nicht gegen ben Monarchen die Baffen ergriffen habe, fondern gegen beffen fclimme Rathgeber und die Bifchofe; daß man keineswegs gemeint fei, die dem Konig schuldige Treue und Lopalitat abzuwerfen, fondern nur die Freiheit und Autonomie ju vertheibigen. Go murben benn noch einmal Unterhandlungen behufs einer Berftändigung und Ausgleichung eingeleitet. Bewollmachtigte aus beiben Beerlagern traten ju einer Confereng aufammen, an welcher ber Ronig felbst Theil nahm. Birtlich tam es auch noch einmal zu einer Uebereintunft: durch die "Bacification von Berwick" murde die 17. 3nni Enticheibung der Baffen fur ben Augenblid abgewendet, aber die großen Begenfate, welche die Rrifis geschaffen, blieben unausgeglichen. Das monarchische Bringip, wie es fich in bem Geifte ber Stuarts ausgebilbet, und bie Ibee einer popularen-parlamentarifden Autonomie, wie fie in bem presboterianischen Staatsund Rirchenwefen ihren Ausbrud gefunden, maren unbereinbar. In den Augen bes Ronigs war die Berfammlung von Glasgow ein Aft ber Rebellion, ben er nimmermehr gutheißen ober bestätigen toune, in ben Augen ber Covenanters mar fie eine berechtigte Sandlung ber Gelbitbulfe, welche die alte Rechtsbafis in Rirche und Staat wieder hergefiellt habe; nach dem Ronig war fie ein illegaler Eingriff in die Prarogative der Rrone, nach den Cobenanters ber Anbruch einer neuen Mera ber driftlichen Freiheit und Gleichbeit.

# 144 B. Das brit. Reich unter den ers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f.

Musmirtige. Ginfluffe.

Bar icon bon bicfein Gefichtspuntte aus wenig Ausficht borhanden, bag bie Bacification von Bermid den burgerlicheftirchlichen Irrungen ein Ende machen werde; fo wirkten auch noch außere Berhaltniffe ftorend ein. Wir miffen, daß die Mutter ber Ronigin, Maria bon Medicis fich damals in London aufhielt (S. 48). Auch Die intrigante Bergogin von Chevreuse und andere Gegner des Cardinals Richelieu hatten fich bafelbft eingefunden. Der frangofifche Gefandte Belliebre tonnte bem Minifter Berichte genug einsenden, wie fehr burch den Ginfluß diefer hochgeftellten Barteiführer die Sympathien fur Frankreich jum Sinten, die fur Spanien ins Steigen gebracht wurden. Selbst die Ronigin henriette Marie fühlte fich durch manche Rudfichtelofigfeit von Seiten Richelieus verlett und fucte ihren Gemahl, der ihr ftete mit warmer Buneigung jugethan mar und befonders in biefen fritifchen Momenten ihr großes Bertfauen erwies und ihren Rathichlagen Gebor ichentte, von Frankreich abzuziehen. Ohnedies war das Bundniß des Cardinals mit Schweden und ben protestantischen Fürsten Deutschlands gegen das spanisch-ofterreichische Herrschaus in den Augen der tatholischen und tatholisirenden Camarilla am englischen hof ein Aergerniß und eine Schmach und die Erfolge im Selb erregten ihren Reid und ihren Groll. Man trug fich mit bem Gebanken einer neuen Alliang mit ben Sabeburgern, burch welche Die Landerwerbungen Frankreichs am Rhein verhindert werden niochten. Auch tonnte baburch der Raifer bewogen werden, bem Erben des verftorbenen Rurfurften die Pfal; zurudzugeben. Es murde im vorigen Bande ermahnt (XI, 994), daß nach dem Lode Bernhards von Beimar König Rarl den Berfuch machte, die herrenlose Armee seinem Reffen zu verschaffen, ein Bersuch, ben jedoch Richelieu durch beffen Berhaftung auf dent

Bege durch Frankreich zu vereiteln mußte. Richelieu unb bie

Diefen feindseligen Gefinnungen und Parteiintriguen bes englischen Bofes, von Schotten. denen Richelieu durch feinen ergebenen Botschafter genau unterrichtet mar, fuchte nun der Cardinal von Schottland aus entgegenzuwirken. Es fiel ihm nicht fcmer, mit den Sauptern der Covenanters Berbindungen anzuknupfen, fie mit Mistrauen gegen die Abfichten Rarls zu erfullen, den Freundschaftsbund in Erinnerung zu bringen, Der feit alten Beiten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Schottland bestanden, und deffen Erneuerung gu Berfprechungen bon Bulfeleiftung mit Geld und Baffen gaben ben Berlodungen und Berbachtigungen Rachbrud. Die patriotifche Bartei nahm bem Auslande gegenüber eine Saltung an, als ob Schottland ein von England unabhangiges Reich fei, wie es ehedem gemefen; fie fing an Politit auf eigene Sand zu treiben. Bwifden Lord Loudon, einem der Saupter des Covenants, und dem gewandten Belliebre in London wurden vertrauliche diplomatische Unterhandlungen von großer Bichtigkeit acführt.

Barlament u. Affembly

Diefe Beziehungen zu Frankreich nahmen an Innigkeit und Bedeutung gu. in Gbin als die von der Friedenscommiffion in Berwid vereinbarten Bedingungen an Ruguft 1639, ben pringipiellen Gegenfagen Scheiterten. Bohl trat im August 1639 gu Coinburg eine neue Generalversammlung und ein neues Parlament zufammen, um bie Streitigkeiten amifchen ber Krone und ber ichottischen Ration endgultig au entscheiden. Aber konnte ber Ronig zugeben, daß; wie die Affembly verlangte, der allgemeine Grundsat aufgestellt wurde, das Bischofthum sei unrechtmaßig? Benn er fich auch um des Friedens willen zu bem Bugeftandniffe aufgeschwungen hatte, dasselbe folle, als mit ber Berfaffung Schottlands im Biberspruch ftebend, in diesem Lande abgeschafft werden: wie sollte er fich benn in England dieser

Institution gegenüber verhalten, wenn er in der Theorie die Episcopaleinrichtung für unbiblifch und unrechtmäßig erklart hatte? Er unterfagte feinem Commiffar Traquair jedes Eingeben auf eine folde Beftimmung. Chen fo wenig wollte er dem nur aus den weltlichen Standen gebildeten Parlamente die Stellung und Rechte zugestehen, die fie beanspruchten. Denn nach ihren Antragen sollte die Staatshoheit in ber Landesvertretung beruben. Der gebeime Rath follte bem Parlamente verantwortlich fein, der Ronig bei Befegung der hoben militarischen Stellen, insonderheit in ben befeftigten Blagen, und bei andern wichtigen Regierungshandlungen die Anficht und Buftimmung der Stande einholen. Die Brarogative ber Rrone, welche bie Stuarte fo boch hielten, ware bann bem Pringipe ber Boltsfouveranetat unterlegen, ber Ronig jum Bollftreder bes Boltswillens berabgefunten. Ale die Berhandlungen diefe Richtung nahmen, wurden die Situngen mehrmals prorogirt und endlich die Bertagung vom Rovember 1639 bis jum Juni 1640 angeordnet. Run bestritt aber bas ichottische Barlament bas Recht ber Rrone, folde Anordnungen eigenmächtig ju treffen. Rur mit lebereinstimmung bes Saufes felbst tonne eine Auflosung ober langere Bertagung vorgenommen werben. Die Berfammlung trennte fich zwar, ließ aber einen Ausschuß als Stellvertretung des Parlaments jurud. Belden Gegenfat bilbete diefe geiftlich-parlamentarifche Bewalt, die an der errungenen Autonomie festhielt, zu der monarchischen Machtfülle in Staat und Rirche, welche die Stuarts als den Edstein aller königlichen Autorität betrachteten! Daß biefe Gegenfate nur burch bas Schwert gelöft werden fonnten, war feinem Zweifel unterworfen. Schon richteten einige Saupter der covenantischen Partei ein Sendschreiben an den König von Frankreich, in welchem fie beffen Schut in Anspruch nahmen.

Rarl erwog mit seinem engeren Rathe die Lage ber Dinge in Schottland. Bord Etrafford. Alle Anwesenden waren einstimmig der Meinung, Die fonigliche Ehre verlange ein gewaffnetes Ginfdreiten jur Berftellnng bes Gehorfams. Befonbere entfcieben sprach fich Thomas Bentworth, ber zu bem 3wed von Irland nach London getommen mar, in diesem Sinne aus. Bir haben ben talentvollen energifchen Mann, ben ber Chrgeig von ben Banten ber parlamentarischen Oppofition in ben toniglichen Rath geführt, und ber bor Rurgem gum Lord-Statthalter von Irland und jum Carl von Strafford erhoben worden war, icon früher tennen gelernt. Seine erfolgreiche Thatigkeit und feine robaliftifchanglitanifche Orthodogie hatten ihm in den Hoffreisen großes Ansehen verschafft; selbst Die Königin, die dem Manne mit dem scharfen Urtheil und der geläufigen Rede am wenigsten gewogen war, legte mehr und mehr bas ungunftige Boructheil ab. Er hatte wie keiner für die unbeschränkte Königsgewalt gewirkt und die Autorität ber Obrigfeit an Orten hergestellt, wo fie am meiften gefährdet war. In den nordlichen Grafichaften hatte er bas Regierungscollegium, in bem er ben Borfit führte, zu voller Kraftentfaltung gebracht, in Irland, wie ermähnt, alle Broteftanten zur firchlichen Conformitat geführt und die Marine und bas Bandheer

in folden Stand gefest, daß er die fonft fo widerfpenftige Infel bor außeren Angriffen wie bor inneren Bewegungen ju fcugen bermochte. Das Ronigthum erfchien ihm ale ein "Abbitd ber gottlichen Majeftat", für bas er feine letten Rrafte einzufegen erffarte. Er wollte wie Richelieu gange Arbeit schaffen; "burch" war fein Schlagwort. Obwohl schwer an ber Gicht leidend, setzte er nach Dublin über und bewirfte, bag bas irifche Barlament bereitwillig vier Subfidien fur ben Rriegsbedarf bewilligte. Dann tehrte er nach London gurud, um auch bier in gleichem Beifte zu wirfen.

Das furge Parlament

Rach elffähriger Unterbrechung batten fich ber Ronig und feine Rathe ent-1640. schloffen, angesichts ber schottischen Birren ein neues Varlament in Bestminster ju versammeln. Dan lebte in den Regierungsfreisen des Glaubens, Die Stimmung bes Landes wurde fich geandert haben, die Berbindung ber Covenanters mit Frankreich, bas noch immer ben pfalggräflichen Reffen bes Konigs in Bincennes gefangen hielt, wurde auch bei dem englischen Bolt als eine Beleidigung ber nationalen Ehre aufgefaßt und von allen Standen mit patriotischem Unwillen verurtheilt werden. In den Reihen der Royalisten und Hochfirchlichen

wurden die beftigften Schmabungen laut gegen die "langohrige, turzhaarige Rotte des schottischen Covenants"; es erschien als eine "Infolenz", daß in der Affembly "die einzig wahre und alte Rirchenberfaffung von unwissenden Aufrührern so verächtlich niedergetreten werbe". - Aber bald erkannte die Regierung, wie trugerisch 19|23. April diese Auffaffung sei. Das Parlament, das im April 1640 in London gufammentrat, trug biefelbe Physiognomie wie bas vom Jahr 1629; ja die Manner ber Opposition waren darin noch zahlreicher vertreten. Als der Antrag vor das Unterhaus gebracht murde, dasselbe moge die für ben Rrieg gegen das rebellische Schottland nothwendigen Subsidien bor Allem bewilligen, erfolgte von biefem bie Antwort, querft mußten bie Beschwerben bes Landes erörtert und Sicherheit ber Religion, des Sigenthums und der parlamentarifden Freiheiten gewährleiftet werden. Es machte wenig Eindruck auf die durch den vorausgegangenen firchlichen Despotismus und Berfaffungebruch gereizte Berfanimlung, daß man binaufügte: "Benn biefe Bewilligungen, in benen der Konig ein Pfand der Liebe und Treue seiner Unterthanen febe, geschehen seien, werbe auch er fich ihnen als ein gerechter, frommer und gnabiger Ronig erweisen"; bas Bertrauen in den Gerechtigkeitofinn bes Monarchen war verschwunden. John Phin, in bem bie puritanischen Doctrinen mit ber hingebung an die parlamentarischen Rechte und Freiheiten aufs Innigfte vereinigt waren, trug ein ganzes Berzeichniß von Rlagen und Beschwerden über die in Rirche und Staat geubte Gewaltherrichaft vor, auf beren Abstellung die Berfammlung bor jeder Bewilligung besiehen muffe. Seine Ansicht drang durch. Darauf wandte fich die Regierung an das Oberhaus; auch hier fehlte es nicht an oppositionellen Tendenzen; bennoch gab die Dehrheit ihre Meinung dahin ab, daß die Geldbewilligung der Erörterung der Beschwerden

borangeben muffe, und der Rierus beeilte fich, feine Lonalität durch die Annahme

von feche Subfidien zu bewähren. Darin ertannten aber die Gemeinen eine Berlegung ihres Rechts durch die Beers und beharrten um fo fester bei ihrer Anficht. Buerft follte bie Regierung im Berein mit ben Stanben bes Reichs bie gerugten Digbrauche abstellen und Reformen einführen, bann wollten fie ben Bedürfniffen genügen. Selbst das Anerbieten bes Ronigs, bem Schiffsgeld um ben Preis von zwölf Subfidien zu entfagen, wurde nicht angenommen; badurch wurde man ja die Gesetlichfeit ber Abgabe anertennen, wandte der Rechtsgelehrte Glanville ein, und diefelbe mittelbar autheißen,

Als der König die Ueberzeugung gewann, daß bas Parlament nur unter Muflofung Bedingungen, die et nicht einzugehen gesonnen war, die verlangte Unterstüßung mente. gewähren murbe, fprach er die Auflösung aus. Go endete bas "turze Parla. 5. Rei 1660. ment". Richts besto weniger wurde ber Rrieg gegen Schottland beschloffen als eine für bie Chre bes Königs und der Ration nothwendige Sache. Bu Land und jur See follte ber Angriff gleichzeitig unternommen werden; Die englifchen Dilizen und die irischen Kriegstnechte wurden unter die Waffen gerufen, von Abel und Alerus Beitrage erbeten, bas Schiffsgelb mit größerer Strenge eingetrieben. Die Unterwerfung der ungehorfamen Covenantere in Schottland follte der erfte Schritt fein zur flegreichen Durchführung ber politisch-firchlichen Tendengen ber Stuarts in ben brei Reichen, aue Aufrichtung einer abfoluten Monarchie, wie fie in Frankreich und Spanien bestand. Bon dem Ausgang des schottischen Feldjuges bing die Entscheibung ab, ob in Butunft die perfonliche unbeschrankte Roniasgewalt ober die parfamentarifc-nationale Staatsordnung in bem britifchen Infelreiche bie Berrichaft behaupten werbe.

Aber auch in Schottland wurden Bortebrungen getroffen, um dem bewor- Stimmunstebenben Angriff nicht wehrlos zu erliegen. Am 2. Juni trat bas vertagte gen. Parlament eigenmachtig in Chinburg gufammen und eröffnete feine Sitzungen "ohne Schwert, Scepter und Krone". Man traf Anordnungen gur Landesvertheidigung; man ernannte einen ffanbifchen Ausschnf, welcher während bes Arieges bas Regiment fubren follte. Man fagte fich feineswegs von bem Ronig. thum los, aber man beichloß, basielbe mit folden Schranken zu umgeben, bag es fich in Bufunft nur innerhalb ber ibm jugewiesenen Gewalten und Gerechtfame bewegen tonnte, daß die Bobeit bes Staats in die drei weltlichen Stande Abel, Gentry, und Burgerthum ju liegen tame. Der Klerus follte von ber Befetgebung und ben Berichten ausgeschloffen fein, bamit bie Rirt" frei und ungehindert ihre Angelegenhaiten in autonomer Beise felbst beforgen moge, wie es ben calvinifch-presbyterianifchen Ideen entsprechend mar. Indeffen war die Lage bes Landes teineswegs ohne Gefahr. Es verhielt fich wirklich fo, wie Bentworth und Samilton im geheimen Rath versichert hatten : viele der machtigften Barone, befonders in ben nördlichen Graffchaften, waren ropalistisch gefinnt und wollten nicht gegen ben Ronig ju Felbe gieben; es gab noch manche Ratholiten und manche Episcopale im Lande, welche in dem Sieg der Covenan-

148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e u. ale Republit.

ters nur Drud und Berfolgung für fich felbft erwarten fonnten. Und vor Allein, woher follte das arme Land die Roften eines Rrieges bestreiten? Die Saupter bes Bunbes traten in Berathung, welche Bege man einschlagen folle, um bem brobenben Rriegssturm am ficherften zu begegnen. Da wurden fie durch bie Stimmung in England felbft zu bem Entichluß geführt, nicht zu marten bis man fie im eigenen gande anfalle, fondern angriffsweise vorzugeben. Aus ber Saltung bes turgen Parlaments ichloffen fie, bag man jenseits bes Tweed ebenso gefinnt fei, wie diesseits, daß in beiden Landern Uebereinstimmung ber Anfichten und Intereffen obwalte. "Der Sinn beiber Ronigreiche" borte man fagen, "gebe nur auf die Erhaltung ber mahren Religion und ber gerechten Freiheiten ber Unterthanen, aber ber Ronig fei bon einer Faction umgeben, welche Aberglauben und Anechtschaft flatt berfelben berrschend zu machen trachte."

Die Chetten in England.

In diefer Auffaffung wurden die Covenanters bestärft burch die Ausfagen des fcottischen Lords Loudon, ber um diese Beit aus England gurudtehrte und mund. liche und ichriftliche Aufforderungen einiger malcontenten Eblen überbrachte, das ein ichottisches Beer über bie Grenze ruden follte. Lord Savile, ein alter Geaner Straffords und feines Spftems, hatte ihm jur Beglaubigung ein bon mehreren Großen erften Ranges wie Barwid, Effer, Say, Broot, Manbeville untergeichnetes Schreiben gugeftellt. So murbe benn ber Gingug bes ichottifden Beeres über ben Tweed befchloffen, ebe noch die englische Regierung ihre Ariegsruftungen beendigt hatte. In der zweiten Salfte des August feste Leglen mit einem Serr

aug von 20,000 Mann, Fusvolt und Reiterei über ben Grengfing, an welchem in früheren Jahrhunderten fo manches Rittergefecht geliefert worden mar, und brang in Rorthumberland ein, die koniglichen Truppen, die am Thne gelagert maren, jum Abzug nöthigend. Balb maren bie Schotten im Befit von Rewcaftle und leerten die Magazine; benn wie die Solbnerheere in Deutschland handelten auch fie nach bem Grundsat, daß ber Rrieg ben Rrieg erhalten muffe. Um Sofe befrachtete man ben Ginfall als eine Erneuerung ber friegerischen Raubzuge früherer Sahrhunderte und Bentworth glaubte, daß derfelbe den nationalen Sas in England aufftacheln und daß alles Bolt um fo bereitwilliger zu den Baffen greifen wurde. Aber wie bald follte er enttäuscht werden. Die Puritaner erblidten in den Schotten, die unter Pfalmengefang und Gebet ins Feld rudten und ber von Gott verordneten Obrigfeit den fouldigen Gehorfam feineswegs verweigerten, nicht Feinde, sondern Bundesgenoffen. Strebte denn die nationale Rechtspartei in England nicht nach bemfelben Biele? Gelbft nach ber Befetung von Rewcaftle betheuerten die Schotten noch ihre Lopalität gegen ben angeftammten Fürsten; sie wollten benfelben nur nachbrudlich ermahnen, die in ihren Gesehen begrundeten politischen und firchlichen Rechte, wie fie berlangten, au gewährleiften; fie beteten in ber Rirche jugleich fur ben Ronig und fur bie Armee, die wider ihn unter den Baffen ftand. Die Streitfrafte, die Rarl in Vort gesammelt hatte, erwiesen fich als ungenügend, sowohl an Bahl als an

Disciplin und Rriegsmuth, um ben Feind über die Grenzen gurudguwerfen. Man mußte auf Berftartung burch Aushebungen und Berbungen benten. Dazu bedurfte es aber größerer Summen, als man mit ben bisherigen Mitteln aufzubringen vermochte. Man versuchte Anleiben zu machen: aber weber die großen Stadte und Bandelsgefellschaften bes Inlandes, noch die Capitaliften und Bantbaufer bes Auslandes zeigten fich willig, ein bem Schiffbruch zusteuernbes Regiment mit ihrem Bermogen zu unterftugen. Auf bem Beftlande batte ohnebies ber noch nicht beendigte lange Rrieg alle Gelbmittel verschlungen; und im eigenen Reich tonnte und wollte ber Ronig nicht bie Sarantien bieten, die man fur Darlebne oder Borfchuffe verlangte. So war ein Moment gekommen, "wo die Triebfedern, welche die Regierung in Bewegung ju fegen pflegte, alle ihre Spanntraft verloren batten". Und babei allenthalben Anzeichen und Somptome einer gabrenden ungufriedenen Stimmung, eines tiefgreifenden Saffes gegen bie Saupter bes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Regiments, einer brobenden Opposition und popularen Aufregung. Die schottische Sache fand in England selbst die größte Theilnabme.

Der Ronig war im Rorben, um ben Rrieg ju betreiben. Da ftellte ber Berfrag Carl of Manchester, ber bochbejahrte Bebeimfiegelbewahrer von altconfervativen Cooten. Anfichten, im geheimen Rathe ben Antrag, man moge, wie in alten Beiten, ebe noch bas Parlament fich in zwei Baufer geschieben, bas "große Concilium", Die gebornen Rathe ber Rrone, verfammeln, um ihre Meinung über die fcwierige Lage abzugeben und Mittel zur Abhülfe zu schaffen. Dem König gefiel ber Borfchlag; er berief auf den 7. September die Beers des Reichs nach Jort. Aber bereits war unter bem Abel felbst eine Spaltung eingetreten. Bwölf ber angesehenften Lords, unter ihnen Rutland, Bedford, Bartford, Effex, Exeter, Barwid, Say, Mandeville, ein Sohn Manchefters u. a. m., lauter Gegner bes berrichenden Spftems, bereinigten fich ju einer Betition, worin fie die fruberen Beschwerden wiederholten und um Ginberufung eines vollen Barlaments baten, von bem allein die Beilung ber Uebel ausgeben konne. Aehnliche Betitionen wurden von ber Stadt London und von einem großen Theil ber Gentry eingereicht. Daß die Schotten in Rewcaftle von diefen Borgangen und Spnipathien Renntnif hatten, fcheint feinem 3weifel ju unterliegen; ihre Manifeste und Rundgebungen legten Beugniß ab, baß fie nicht als Geinde bes englischen Boltes angesehen werden wollten. Die Contributionen, die fie gur Erhaltung ber Armee vornehmen mußten, trafen hauptfächlich Ratholiten und Ropaliften. Der Ronig befand fich in ber ichwierigsten Lage. Die Schotten gurudguweisen hatte er nicht die Macht; ein Parlament einberufen hieß so viel als seinen royaliftisch-hierarchischen Ibeen, an beren Berwirklichung er feit feinem Regierungsantritt gearbeitet, für immer entsagen. Und bennoch entschloß er fich zu bem schweren Schritt. Denn mußte er nicht fürchten, daß bei langerer Beigerung England bas Beifpiel ber Schotten nachahmen, bag auch bier bie Stande eigenmachtig

150 B. Das brit. Reich unter d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f.

fich berfammeln wurden? Auch die Ronigin rieth zur Rachgiebigkeit. Go beschloß benn Rarl mit innerem Biberftreben ein neues Barlament auf ben 3. Robember einzuberufen. Mit biefer Rachricht trat er bor die Beers, die feiner Ladung nach Bort gefolgt maren. Es follte nicht den Schein haben, als ob ein frember Antrieb ihn dazu gebracht habe. Den Lords blieb baber nichts zu thun übrig, als bie Geldmittel herbeizuschaffen, um sowohl bas englische Beer zu unterhalten, als bie Bedingungen zu befriedigen, unter benen die Schotten einen Baffenftillftand eingeben wollten. Durch eigene Beitrage und durch eine Unleibe, ju ber fich nun Die Stadt London berbeiließ, brachten fie bie nothigen Summen auf, Die ihnen fpater von den bewilligten Subsidien guruderstattet werden follten. Die Schotten blieben in England. "Go trat benn ber bochft außerordentliche Fall ein, daß amei Armeen, die jum Rampf gegen einander bestimmt gewesen waren, das Schwert in der Scheibe einauder gegenüber steben blieben, beide im Solde derfelben Autorität."

#### 4. Das lange Parlament und der Bürgerkrieg.

a. Uebermacht ber Opposition und Straffords Untergang.

Es war am 3. November bes Jahres 1640, daß König Karl in Beft. Barlamentarifde Bor- tainfter bas neue Barlament eröffnete, bas in ber Geschichte Englands als bas "lange Parlament" verzeichnet fteht. Bei ber herrschenben Stimmung im Lande mar porauszuseben, daß die Bablen größtentheils auf Gegner ber Regierung und ber Episcopaltirche fallen murden. Erot aller Anftrengungen ber Sherifis wurden nicht nur die meiften Oppositionsmänner ber letten Bersammlung wieder gemablt, fondern ihre Reihen burch neue Gefinnungeverwandte gemehrt. Reben Mannern eines besonnenen gemäßigten Fortschritts auf Grundlage ber alten Bolterechte, wie John Dampden, ber ftanbhafte Streiter gegen bas Schiffsaelb. ftanden raftlos porftrebende Rampfer für firchliche und politische Freibeit wie Bom John Bym, "ber Tattifer bes parlamentarifden Ungriffs", ber mit unbeugfamer Rolgerichtigfeit bes Charafters und mit einer in ben religiofen Bedantentreifen ber Beit fich bewegenden Berebfaufeit ichon fo oft bem berrichenden Regierungs. fostem entgegen getteten mar und jest die Berbindung mit ben Schotten bermittelte, wie Denzil Sollis, zweiter Sohn bes Garl of Clare, fruber ein feuriger Benry Bane. Begner von Budingham; ftanben religiofe Ciferer, wie Gir Benry Bane, ber einft die lange Seefahrt nach America nur besbalb unternommen, um bort bas Sacrament ftebend, nicht papiftisch kniend wie zu Saufe genießen zu burfen, wie ber gelehrte Gelben, wie haslerigh, Rudyard, Syde u. a. ftanden ftrengpuritanifche Fanatifer, Die in den separatistischen Congregationen Befriedigung ibrer religiojen Andacht suchten. Bu ben letten geborte auch ein Mann, ber zu großen Cromwell. Dingen bestimmt mar, Dliver Cromwell ber Urentel Richard Billiams Crom.

well, eines Bermandten jenes Thomas Cromwell, der unter Beinrich VIII. fo

thatig für die Begrundung ber Reformation gewirft hatte, ein leiblicher Better Sampbens und feiner inutterlichen Bertunft nach bem Stuartichen Blute berwandt. Schon feit Anfang des parlamentarifchen Rampfes mar Cromwell, (geb. 25. April 1599), nachdem er "aus bem Dunkel der Sunde in das Licht ber Gottesfurcht eingegangen", von weltlicher Berwilderung zu religiöfer Bertiefung umgelehrt mar, als entschiedener Borfecter für religiofe und burgerliche Freibeit aufgetreten und hatte fich burch ein mufterhaftes bausliches Beben, burch Bohlthun und Freigebigfeit und burch einen ftreng fittlichen Bandel fo fehr bie allgemeine Achtung in seinem Geburtbort Buntingbon erworben, daß er im 3. 1628 als Bertreter Diefer Graffchaft ins Parlament gewählt wurde, wo er fich bald durch feine heftige Opposition gegen ben bochfirchlichen Gewiffenszwang ber Bischofe bervorthat. Bahrend ber elffahrigen Billfürregierung batte er Gelegenheit genug gefunden, querft als Friebensrichter feiner Baterftadt, bann als wohlhabender Grundbefiger in Elp ber Gewaltherrichaft enigegenzutreien und der religiösen Freiheit eine Statte ju bereiten. Als die Roth ben Ronig zwang, wieder in die parlamentarifche Bahn einzulenten, wurde Cromwell von ber puritanifc-popularen Bartei ber Uniberfitatsftadt Cambribge, wo er in ben Jahren 1616 und 1617 dem Rechtsftudium obgelegen, jum Abgeordneien gemablt. Ginfach und fandlich in Rleidung und Benehmen, ohne gewinnende Manieren und berborragende Redegaben, herrschte er über feine Beitgeneffen nur durch die Ueberlegenheit feines Beiftes, durch die Energie feines Billens und durch feinen entschloffenen thattraftigen Charafter, ber auf bem feften Glaubensgrund wurzelte, daß er unter der Führung Gottes ftebe. In diefem fichern Gefühle, ein Bertzeug in Gottes Sand zu fein, bon feinem Rathichlus angetrieben ju werden, folgte er in feinem Thun und Laffen ben Impulfen bes Augenblick. Seine Entschluffe und Unternehmungen gingen mehr aus einem inftinttartigen Gefühle und einer gottvertrauenden Buverfiche als aus Berechnung hervor. "Der Mann tommt am weiteften" fagte er einmal, "der nicht weiß wohin er geht." Die Gluth feiner Seele und fein brennender Ehrgeis lag unter Andachtfübungen und religiöfer Devotion verborgen. Die meiften Mitglieder des neuen Barlaments waren ober wurden Puritaner, und ihr bemofratischer Freiheitssun ging bald von der Kirche auf die Bolitik über und wedte republikanische Ideen. Ohne ausbrudlich fic von dem monarchischen Brinzipe loszusagen, strebten fie nach einem Staatsleben, worin bie parlamentarifden Gewalten bas Uebergewicht. haben follten über die königlichen. Sie wollten in Staat und Rirche ftatt des toniglich-bischoflichen Regiments die vollsberrliche Gewalt der Spnode und bes Parlaments. Die Bermandtichaft ihrer Ideen mit dem Presbyterianerthum der Schotten führte bald gur engen Berbindung beiber Religionsparteien. Um biefe Beit tehrte John Mifton ber Obenbichter aus Italien gurud, wo er "bie Ibes bes Millen. Schonen in allen Formen" erfaffen zu konnen gehofft hatte, und widmete feine Studien und feine literarische Thatigfeit ben großen Angelegenheiten ber Beit.

Denn er erkannte, "baß fich jest ein Beg öffnete fur die Begrundung wahrer Freiheit, bas jest bas Fundament gelegt werden tonnte jur Erlofung ber Menfchen von dem Joche der Anechtschaft und des Aberglaubens". Er begleitete Die öffentlichen Berhandlungen mit fcwungvollen Auffagen über die politifchen und firch. lichen Fragen des Tages.

Die Bors

Biederum bezeichnete die Thronrede die Berwilligung von Subfidien gum gelden ber Rrieg gegen die Schotten, die "rebellischen Unterthanen des Königs" als nachste und wichtigfte Aufgabe bes Baufes; boch murde auch die Befeitigung von Diffbrauchen in Aussicht gestellt und der Berfammlung anheimgegeben, in welcher Reihenfolge die einzelnen Gegenstände zur Berhandlung tommen follten. Dan moge indeffen bedenten, wie nothwendig die Entfernung bes ichottischen Beerce von dem englischen Boben fei und wie nachtheilig fein langeres Berweilen fur die Boblfahrt bes Landes. Ankatt aber bag man fofort die Geldfrage in Angriff nahm, murde das Baus von Rlagen und Befchwerben wie mit einer Sturmfluth überichuttet und nicht blos beren Abstellung verlangt, sondern auch die Beftrafung berjenigen, welche die Rechtsverlegungen, Gewaltthatigfeiten und Digbrauche begangen oder veranlagt batten. Bym war ber Bortführer ber Opposition; in feiner icholaftifch biblifchen Ausbrudsweise führte er Reulenschlage gegen ben religiofen Terrorismus ber Bifchofe, gegen die Gervilität ber Berichte, gegen bie Berleyung der nationalen Rechte, gegen die katholische und katholisirende Camarilla des Hofes, gegen die Monopolisten und Blutsauger. Man faßte alle Befcmerben in eine große Remonftrang zusammen, mit ber Abficht, die Uebelftande fo weit es möglich fei zu beseitigen ober auszugleichen und die Rathgeber, Die den Ronig bagu gebracht, gerichtlich ju verfolgen.

Bir miffen, wie energisch Rarl in fruberen Tagen ben Grundfat einer Berantwortlichfeit der Staatsbiener als feine Ronigsmacht beeintrachtigend von fich gewiefen. 3cst wurde diefe Berantwortlichteit vom Parlamente in Anspruch genommen und mit eiferner Confequenz burchgeführt. Es wurden mehrere Ausschüffe gebildet, um das bisherige Berfahren ber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Berichte ju untersuchen und gegen die einflußreichften Saupter der Regierung Rlage auf Sochverrath zu erheben. Pronne und feine Leidensgefährten murden nach einer Revision ihres Prozesses für unschuldig erklart und die Richter ber Sterntammer zu einer namhaften Gelbstrafe verurtheilt. Bie im Triumphe febrten die Gefangenen aus ihren Rertern beim, bom Freudenjubel des Boltes begruft; das Schiffgeld wurde eingestellt, als den Befegen des Landes, bem Cigenthumsrecht der Unterthanen und den früheren Statuten zuwiderlaufend; mas fich von den eingeforberten Summen noch in den Raffen der Sheriffe vorfand, follte jurudbezahlt merben. Es wurde feftgefest, daß in Butunft das Tonnen- und Bfundgeld nur mit Bewilliqung des Parlaments erhoben werden durfe.

Strafforb Das Sauptanliegen des Parlaments mar die Antlage gegen die Minister, und Laub in Unflager in erfter Linie gegen Strafford, den "großen Abtrunnigen" wie er bezeichnet ward. Es wird berichtet, als ihn der Konig nach England entbot, weil er feines Rathes und Beiftandes nicht entbehren tonne, habe ber Lord feinen Beren zu überzeugen

gesucht, bag er ibm in Irland ober bei bem Beere mehr nugen tonne als in Loudon; aber Rarl habe barauf bestanden und ihm die Busicherung gegeben, es folle tein Baar auf feinem Saupte angetaftet werben. Go folgte benn ber Graf voll dufterer Ahnungen bem Rufe. Raum aber war er in ber Sauptstadt eingetroffen, fo murde im Unterhause bei berschloffenen Thuren von fieben Mitgliebern, barunter Boin und Sampben ber Antrag gestellt und von ber Bersammlung angenommen, daß Strafford und Laud in Unflageftand gefest werben follten. Es hatte verlautet, ber Lord-Statthalter habe Beweise in Sanden, daß bie Baupter der parlamentarischen Opposition mit den Schotten beimliche Unterhandlungen gepflogen und fie unter Buficherung nambafter Belbfummen gu langerem Berweilen auf ber Grenze bewogen batten; barauf wolle er eine Rlage auf Landesverrath grunden. Daber eilten bie Gemeinen ihm zuvorzukommen. An der Spige einer Deputation von mehreren hundert Mitaliedern überbrachte Nov 1610. Bum bie Anklageschrift gegen Strafford wegen Sochverrathe in bas Saus ber Lords und verlangte beffen Entfernung bom Parlament und Gefangensetzung. Die Beers waren barüber gerade in Berathung, als ber Graf "in ftolger und finsterer Saltung" in ben Saal trat, um feinen Sit einzunehmen. Da riefen ihm mehrere Stimmen au, er folle fich gurudgieben. Ginige Stunden nachher wurde er wieder bor bas haus beschieden. Und nun mußte der machtige Mann, ber noch am Morgen herr und Meister ber Staatsgewalt gewesen, an ben Schranten fniend die Anklage der Gemeinen anhören und den Bescheid, baß man auf ihr Begehren beschloffen habe, ihn im Tower zu vermahren. Bier Bochen nachber erfuhr Erzbischof Laub basselbe Schicffal. Der Staatssecretar 15. Decbr. Bindebant, megen feiner tatholifden Reigungen am Bofe gerne gefeben, und ber Lord-Siegelbewahrer John Finch, ber beschuldigt ward, in ber Rechtsfrage wegen bes Schiffgelbes einen ungebührlichen Drud auf die Richter geubt zu haben, entzogen fich der Berhaftung durch die Flucht, jener nach Frankreich, diefer nach Holland.

Run kam die Staatsgewalt gänzlich in die Hände des Unterhauses; und um Pachgiebige jeden Rückfall zum Absolutismus für die Bukunft abzuschneiden, wurde wie früher in Königs. Schindung der Beschuß gesaßt, daß alle drei Jahre das Parlament versammelt werden müsse und wenn die Regierung mit der Einderusung zögere, und auch die Lords und die Sheriss der Grafschaften die Wahlen unterkassen, diese von den Bürgern und Freihaltern aus eigenem Antried vorgenommen werden, diese von den Bürgern und Freihaltern aus eigenem Antried vorgenommen werden sollten. Die Auslösung sollte nicht vor fünfzig Tagen und nur mit Beistimmung der beiden Häuser erfolgen dürsen. Rach großen inneren Kämpsen sügte sich der König in die Rothwendigkeit. Richt nur, daß er diese Parlamentsbill, welche die Freiheit seiner Entschließungen beeinsträchtigte und sein Ansehen beim Bolt tief herabsehen mußte, bestätigte und zum Gesehers hob; er nahm auch auf den Borschlag Hamiltons, der sich mit den Schotten und ihren engslischen Parteigenossen in letzter Zeit besser zu stellen gewußt, die namhastesten Lords der Opposition, Bedsord, Hertschaften, Mandeville, Savile, Say, Bristol in den gesehimen Rath auf. Ja es wurde bereits in Ueberlegung gezogen, ob man nicht die bedeutendsten Stimmsührer des Unterhauses, Kym, Hampden, Hollis in die höchsten

## 154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t.

Reichsämter berufen und ihnen die Leitung ber Staatsgefcafte übertragen follte. Rarl mochte hoffen, burch folde Rachgiebigfeit Die Beibenfchaft und Rachgier feiner Gegner au milbern und die Manner, fo um feinetwillen Rerter und Berbannung tragen mußten und in beständiger Todesfurcht ichwebten, bor dem Berhangnis zu retten.

Bunb mit ben Chotten.

Das energische Borgeben ber Covenanters in Schottland batte auch in England bas parlamentarische Leben von ber Erftarrung befreit und aufs Reue in Blug gefest. Bas mar baber natürlicher, als bag bei bem machsenden Uebergewicht ber Opposition auch bie Sympathien für bie nördlichen Rachbarn wuchsen, daß man fie bewunderte und nachahmte? Richt genug, daß bas Parlament die Berbindungen, die einige Parteibaupter unter ber Sand mit ben fcottifchen Beerführern unterhalten hatten, zu einem Freundschaftsbund erweiterte und ber Armee die betrachtliche Summe von 125,000 Pfund jum Unterhalt und Bebr. 1641. 300,000 Bf. ale "freundliche Unterftühung" und Entschädigung bewilligte; man versuchte auch eine vollständige Bereinigung ber beiben Bolfer in ben ftaatlichen und firchlichen Ginrichtungen berzustellen.

Angriffe wis ber bas Episs Bor allem wollten die Männer der freieren religiösen Richtung auch in England espalfpkem. Die bischöfliche Inftitution, unter der fie so viel zu leiden gehabt, abschaffen und eine von unten aufgebaute Rirchenform begrunden mit vollsthumlichen Organen und Autonomie der Gemeinden. In rationalistischen Doctrinen befangen erwogen fie nicht, das gerade in diefer Beziehung eine große hiftorifche und prinzipielle Berfciedenheit ob. maltete. Bahrend in ber ichottifchen Rirche ber Episcopat icon bei ber Stiftung ausgestoßen und eest im Laufe ber Beit durch tonigliche Billtur aufoltropirt worben, war in England, wo der Alerus bereitwillig auf die reformatorifchen Abfichten bes Ronigs eingegangen, das Episcopalfpftem das Fundament der anglotatholifchen Rirche geblieben. Ein Abgeben von diefer Inftitution tam alfo einem neuen Reformationsatte gleich, durch ben eine hundertjährige Bergangenheit ihren Abichluß finden mußte. Als baber Bym, ber hauptforderer ber schottischen Alliang, eine von 15,000 Unterschriften bededte Betition dem Saufe vorlegte, bag man ben Stand ber Bifcofe und Pralaten "mit Burgel und 3weigen" ausrotten moge, ba tonnte man balb gewahren, bas bie Bortführer bes Barlaments in diefer Frage teineswegs übereinstimmten. Beber wollten bie Lords in diefer rabicalen Reform mit ben Bemeinen Band in Band geben, noch maren Die Mitglieder Des Unterhaufes unter fich einig. Gine gemäßigtere Bartei wollte nicht die bifcofliche Berfaffung gang und gar über Bord werfen, fondern nur die hochfirchlichen Auswüchse beseitigen, dem Pralatenftand feinen Ginfluß auf ben Staat nehmen durch Ausschlichung ber Bischofe aus bem Barlamente, die Ginfunfte der geiftlichen Burbentrager und ihre firchlichen Gewalten befchranten. Beibe Unfichten murben mit großer Erregung verfochten, von beiben Theilen ichwerwiegende Grunde mit viel Bered. famteit vorgetragen : Benn Fiennes das Bifchofthum betampfte, "weil feine Jurisdiction im Biderfpruch mit den weltlichen Gerichtshofen, feine Politit im Biderfpruch mit der des Parlaments fiche" und die Bisthumer und Rapitel mit ihrer Ausstattung alten Baumftammen in einem Balbe berglich, "welche durch ihre Burgeln und weitschattenden Breige ben jungen Radwuchs aufzutommen hinderten, die man fallen und ausroben muffe, um diefem freie Luft zu verschaffen"; fo erinnerte Lord Digby an den innigen Bufammenbang, in dem das Bifcofthum mit dem gangen Staats= und Berfaffungsbau Englande flebe, an das Unfeben, welches baffelbe im Ausland genieße, an den unüberwindlichen Widerftand, den der Konig der Abschanng entgegenstellen werde, da die Krone den Episcopat nicht entbehren könne. Das haus übergab die Sache einer Commission. Bährend diese darüber berieth, wurden von der schottischen Partei neue Petitionen und Demonstrationen in Bewegung gesetht und die Bolksmenge durch Gebete und Predigten gegen die "antibiblische gottlose Kirchenversassung" in steter Aufregung gehalten, um einen Druck auszuüben. Aber trop aller agitatorischen Sebel, welche die Borkampser puritanischer Doctrinen einsehten, gewann in dem Ausschuß die gemäßigte Ansicht die Rehrheit. Es wurde beschossen, die Bischofe sollten fortbestehen, aber von dem Hause der Peers und von den weltlichen Gerichtshösen ausgeschlossen, eine halbe Maßregel, die wie vorauszuschen nicht von Dauer sein konnte. Die Schotten meinten: "jest nehme man das Dach weg, bald werde man die Mauern umstürzen".

Wie bei ber Rachricht von Budinghams Ermordung, so fügte fich auch jest vor bem ber König mit einer Art fataliftischer Resignation in die Rothwendigkeit. Man Dett. hatte ber Rrone die Rieinobien entriffen, die er fur die werthvollsten bielt, und nun brobte feinem Bergen und feiner Ehre ber bartefte Schlag. Am 22. Marg begann im Oberhause ber Prozest gegen Strafford. Die Communen hatten ben Lord-Statthalter von Irland auf Hochverrath angeklagt, "weil er die Grundgefete von England umaufturgen und eine Regierung ber Billfur einzuführen gefucht babe". Biele Buborer aus ben bochften Gefellschaftetreisen, Berren und Frauen und die Mitglieder des Unterhauses wohnten der Gerichtshandlung mit gespannter Erwartung bei. In ben Tagen seines Bluds war Bentworth ein bochfahrenber übermutbiger Mann gewesen; jest zeigte er fich rubig und gelaffen, voll Burbe und Baltung; benn er hatte Bertrauen in ben Ausgang feiner Sache. Bie groß immer die Jahl seiner Ankläger war, wie viele Klagepunkte feine Biberfacher gegen ibn aufammengeftellt batten; er führte feine Bertheibigung fiebenzehn Tage lang mit folder Burde, Rlarheit und Umficht, daß die Anschulbigungen wie Rebelbilder gerfloffen. Er wies auf bas Uebergeugenbfte nach, bag keines ber ihm Schuld gegebenen Berbrechen ben Charafter eines Hochverraths an fich truge, wie berfelbe in bein Befete Englands feftgeftellt fet, bag er ftets mit Biffen und Billen des Ronigs und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bein Miniftercollegium gehandelt habe, bag aus ber Baufung von unwefentlichen Dingen, in benen er fich vergangen haben follte, nicht ein Capitalverbrechen eruirt werben tonne. Selbft die fcwerfte Belaftung, die man aus den Sigungsprotocollen bes geheimen Raths gegen ibn vorbrachte, tonnte nicht als Hochverrath gefaßt werben. Auf feinen Bunfc hatte nämlich ber Ronig geftattet, baß auch von ben Berathungen des Councils, beren Gebeimhaltung eiblich gelobt mar, Gebrauch gemacht werben burfe. Da hatte benn ber jungere Bane aus ben Aufzeichnungen seines Baters entbedt, daß Strafford bei Gelegenheit des schottischen Krieges zu bem Ronig fagte: "Ihr habt eine Armee in Irland, mit der ihr biefes Ronigreich jum Gehorfam zwingen tonnt". Bar unter "biefein" Ronigreich England ju berfiehen, wie die Anklager nachzuweisen fuchten, oder Schottland, wie der Angeflagte behauptete? Und selbst in jenem Falle konnte in der Aeußerung nicht Hochverrath, ber boch nur gegen bas Oberhaupt bes Staats begangen werden konnte, fondern Landesverrath gefunden werden. Für Landesverrath fand aber in ben Gc. fegen teine Strafbeftimmung. Straffords traftvolle wurdige Bertheibigung machte auf die Lords und alle Anwesenden einen machtigen Gindrud, und als er am Schluffe in beredten pathetischen Borten den Richtern zu Gemuthe führte, daß fie fich nicht burch die zweideutige Macht ber popularen Stromung bewegen laffen follten von den Gesehen der Altvordern abzugehen und bas Beispiel eines Bluturtheils zu geben, das bermaleinst gegen fie felbft und ihre Rinder gerichtet werden konnte : ba war wenig Bahricheinlichkeit borhanden, bag bie Lords auf Sochverrath ertennen murben. Man borte icon bas Bort Juftigmorb. Sebermann erwartete ein freisprechendes Urtheil.

Aber bas Unterhaus gab feine Racheplane nicht auf. Bloglich ertonte in

Die Bill of Attainber.

ben Reihen ber anwesenden Gemeinen ber Ausruf: "Aufbrechen". Die Mitglieder begaben fich in ihren eigenen Sigungefaal, um bort einen neuen Angriffsplan gu entwerfen. Es ift uns aus ber Beschichte Beinrichs VIII. bekannt, daß ber Despotismus zuweilen Mittel gefunden batte, auch ohne bas bertommliche Landrecht Todesurtheile zu verhangen. Die legislative Gewalt legte fich bei folden Gelegenheiten die Macht bei, fur ben vortommenden Fall ein eigenes Gefet au erlaffen. Man nannte bies Bill of Attainder. Danach follte es bem Unterhause austeben, allezeit zu erklaren was Bochverrath fei. Wie schreiend immer ber Biberspruch erscheinen mochte, bag eine Bersamulung, welche fich die Bertheibigung ber alten Landesgesetze gegen Billfur und Bergewaltigung gur Aufgabe ftellte, felbst die Fahne legislativer Gewaltthatigkeit aufpflanzte; in der leidenicaftlichen Erregung wurde ber Befdluß gefaßt, "ber Berfuch, die Gefege umauftogen, fei als Bochverrath ju betrachten", und auf Grund biefer Erflarung die 20. April. Bill of Attainder gegen Strafford mit großer Majorität im Unterhause angenommen. Rur neununbfunfgig Mitglieder batten den Muth gu midersprechen. Ihre Ramen las man am folgenden Tag an den Straßen angeschlagen "als Straffordianer, die das Baterland verriethen, um einen Berrather ju retten". In einer großen Conferenz mit bem Oberhause, ber auch ber Ronig anwohnte, wies Lord S. John auf die legislative Machtvollkommenheit bes Parlaments bin, um barzuthun, baß man bem Beschluß Folge geben muffe. Diefe Unficht

Maitato= rifder Ter

Denn ichon waren neue Bebel in Bewegung, um die Unterzeichnung bes rorismus. Todesurtheils zu erpressen. Man hatte bemerkt, daß hie und ba ropaliftische und reactionare Regungen ju Tage traten: Die Offiziere ber englischen Armee in Northumberland fahen mit Unwillen, wie fehr die Schotten burch bas Unterhaus begunstigt wurden; in Irland ftand die von Strafford einft gebildete "Legion ber Bratorianer", größtentheils tatholifche Eingeborne, noch immer unter ben Baffen; in Schottland waren viele vom Adel wie James Graham, Carl of Montrofe und sein väterlicher Freund Napier, wie Home, Athol, Mar unzufrieden mit ben

wurde maggebend für die Lords ber Opposition in Beftminfter.

Covenanters, daß fie bis zum bewaffneten Aufftand gegen den Ronig vorgegangen; auch die Königin und ihre Bertrauten waren ungehalten über die ftrengen Dag. regeln der berrichenden Bartei gegenüber ben Ratholiten; unter bem Borgeben, daß ihre Gefundbeit eine Luftveranderung nothig mache, wollte fie fich nach Frantreich flüchten, um in ihrer Beimath Bulfe zu fuchen. Aber Richelien verhinderte die Ausführung des Planes. Aus diefen und ahnlichen Symptomen jogen die Führer der Opposition den Schluß, daß man Strafford zu retten suche. Pom machte dem Unterhause bei verschloffenen Thuren die Mittheilung, daß ein 3. Rai 1641. Complot jum Umfturg bes Barlaments und ber protestantischen Religion, jur Befetung des Tower und Befreiung Straffords im Berte fei. Als man draußen davon Runde erhielt, entstanden tumultuarische Auftritte; die Menge war in der größten Aufregung : man verpflichtete fic burch Cibichwure, Die protestantische Religion, das Parlament, die Freiheiten bes Bolles mit Leib und Leben zu vertheibigen. Unter bem Drud biefer popularen Bewegung wurde bas Schidfal Straffords entichieden. Roch batte das Oberhaus fein Urtheil nicht abgegeben; viele batten gerne noch einen Mittelweg gefucht. Als aber ber Lord Oberrichter, beffen Gutachten man einholte, die Erflarung abgab, bag die Berbrechen Straffords in der That einen Hochverrath enthielten, da magten die Beers nicht langer zu widerfteben. Biele batten icon feit einiger Beit an den Sikungen teinen Theil mehr genommen; von den Anwesenden waren sechsundzwanzig Stimmen für die Bill of Attainder, neunzehn bagegen.

8. (18) **P**iai.

Sogleich ging eine Deputation an den Ronig ab, um feine Buftimmung ju Das Cobeds. erbitten. Es war Sonnabend; Karl verschob die Antwort auf den Montag. Attigt und Der Sonntag lag bazwischen, ein bufterer veinvoller Lag. Es brudte ibm ichwer auf das Gewiffen, daß er ben Mann, ber nur nach feinem eigenen Billen gehandelt, nur seine eigenen Absichten ausgeführt hatte, den Feinden überantworten follte. Er fragte bei ben Bifcofen, bei ben Borde an; er erhielt nur feige Rathichlage: um feiner Rrone, um feines eigenen und ber Seinigen Leben und Sicherheit willen muffe er bem Befete feinen Sang laffen, feine eigene Ueberzengung dem öffentlichen Rechte nachstellen; die Bill of Attainder fei gleich ju achten einem richterlichen Urtheilsspruche, ben ber Ronig vollstreden laffen muffe, ob er bamit übereinstimme ober nicht. Go lag bie Belt unter bem Drud des popularen Terrorismus gefeffelt. Roch war Rarl zweifelhaft; da wurde ibm ein Schreiben Straffords überbracht, worin biefer felbft ben Monarchen aufforberte, die Bill zu genehmigen und nicht aus Rudficht auf ihn die Berfohnung mit seinem Bolle zu verzögern. Diefes Schreiben, beffen Echtheit wohl taum zu bezweifeln ift, war entscheidend. Rarl unterzeichnete bas verhangnifvolle Schrift. ftud und opferte ben Borfechter feiner Prarogative ber Bollswuth. Der Lord mochte immer noch geglaubt haben, ber Ronig wurde ihn nicht fallen laffen; wenigstens foll er bei ber Rachricht von der Bestätigung des Urtheils die Sande gen Simmel gehoben und ausgerufen haben: "verlaffet Euch nicht auf Fürften

158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t.

und Menschenkinder, denn bei ihnen ist kein Heil." Der Weg nach dem Hochsgerichte führte ihn an dem Gefängnisse Lauds vorüber. Er rief dem hinter dem Gitter niederschauenden Prälaten ein Rebewohl zu und empfahl ihn der Gnade 11. (21) Mai Gottes. Mit großer Fassung empfing Strassord den Todesstreich auf dem Schassor.

Der König fühlte einen tiefen Stachel in seiner Seele; der Schatten des getreuen Dieners, den er den Feinden geopfert, verfolgte ihn durch das Leben. Er betrachtete alle späteren Unfälle als ein Strasgericht des Himmels für seine sündhaste Schwäche.

## b. Lage und Barteiftellung bis jum Ausbruch des Burgerfriegs.

haltung bei Ronige Bon der Beit an war die Staatsgewalt bei dem Barlamente; alles mas bem foniglichen Despotismus gebient hatte und barum mit bem Sag bes Bolfes belaftet war, wie die hohe Commiffion, die Sterntammer, mehrere Sondergerichte in den nordlichen Graffchaften, wurde abgeschafft, ber Richterftand ben Ginfluffen ber Regierung entzogen, die Garantien ber perfonlichen Freiheit ficher geftellt. Dan suchte Mauner bes parlamentarischen Bertrauens, barunter bie Bords ber Opposition Falland, Shoe, Colepper (Southampton) in die hochsten Bermaltungestellen zu bringen, ben Sofhalt ber Ronigin von Papiften und Sefuiten gu reinigen, die Umgebung des Pringen bon Bales aus guberlaffigen Beuten gu bilden, die Offiziere und Milizen zur Folgeleistung an parlamentarische Anordnungen zu verpflichten. Der Ronig fügte fich in Alles; es fcbien als ob er fortan feine Regierung ganz in ben parkamentarischen Formen zu führen gebenke: Die koniglichen Truppen wurden entlaffen; auch die Schotten tehrten, nachdem man ihre Rarl in Anspruche befriedigt, in ihre Belmath gurud. Doch gab Rarl noch nicht alle Hoffnung auf, wenn die populare Sturmfluth fich verlaufen, der Arone wieder Die frühere Autorität zu verleihen. Im Sommer 1641 faßte er ben Entichluf. in sein schottisches Beimathland zu reisen, mit ber geheimen Absicht, burch Rachgiebigkeit in allen Staate- und Rirchenfachen feine konigliche Macht wieder fest au begrunden und fich bort einen neuen Standpunkt gu restaurirender Thatigkeit ju ichaffen. Er mußte, daß in ben Bergen Schottlands ibm noch manche fopale Bergen schlugen. Die Schotten zu befriedigen und fie von England zu trennen, um dadurch ber parlamentarischen Partei den ftarten Ruchalt zu nehmen, mar fein Bemühen. Um Diefes Biel zu erreichen, gewann er es über fich, Alles bas jugugestehen, was er einst fo hartnadig verweigert hatte: er ertannte die Beschluffe der Berfammfung von Glasgow und bes Parlaments von 1640 an; er gab bie Bischöfe auf; er versprach die wichtigsten Stellen in der Staatsverwaltung und Rechtspflege nur mit Bufitmmung ber Reichsftande zu befegen; er erhob Lord Loubon, den er einft als Hochverrather hatte behandeln wollen, jum Rangler. Ja felbst ben Sauptern bes Covenants, die bisher mit der englischen Aftionspartei

fo feft verbunden gewesen, naberte er fich: Araple, Leglen, Samilton und feine

Freunde wurden mit Gunft- und Gnabenerweisungen überschüttet; man fab ibn mit den Bresbyterianern die Bredigt besuchen und beten. Schottland erfreute fich einer nationalen Autonomie und Selbftandigfeit, wie die Stuarts fie noch niemals jugestanden. Dem Ausschuffe bes englischen Unterhauses, ber während ber schottifchen Reife Die Geschäfte führte, war biefes Berhalten des Ronigs verbachtig ; man erfuhr, daß er Beweisftude fammle über die Berbindungen ber englischen Barteiführer mit ben icottifchen Covenanters mabrend bes Aufftandes, um barauf eine Antlage wegen hochverratherischer Complotte an grunden. Der schottischenglifche Bund, burch ben man bisher fo Bieles erreicht hatte, war in Gefahr fich aufzulofen. Da fette bie Runde von bem Aufftande und ben Blutfcenen in Irland die protestantische Welt Englands in die beftigste Aufregung und Buth und fachte bas Feuer bes puritanischen Fanatismus von Reuem an.

Strafforde Lob und die Auflojung feiner Deermannichaft loderte in der beiße Der Aufruhr blutigen tatholifchen Bevöllerung die ftramme Bucht, durch welche ber energische isti. Lord-Statthalter Die grune Infel in Gehorfam gehalten. Der protestantische Eifer der Buritaner in England, ber Covenanters in Schottland icharfte auch in bem tatholifden Irland bas religiofe Gefühl. Es bilbete fich eine weitverzweigte Berfcworung, um die ramifche Rirche wieder in ben Befit ber ihr entriffenen Guter und Gebande zu feben, die von Jacob I. auf ber Insel gegrundeten anglitanischen Colonien wegzusegen und die tatholische Religion zur alleinberrichenden au machen. Un der Spipe ber Bewegung ftanden einige altirische Sauptlinge, wie Roger D'More, Lord Macgnirre, Phelim D'Reil, der rechtmäßige Erbe Thrones. Auch Ratholiten angelfächfischer Abtunft, wie Colonel Plunkett, gefellten fich au ihnen. Irland follte von England getrennt werben und feine eigene Regierung und ein aus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Mitgliedern ausammengesehtes Barlament baben. Rachbem man alle Bortehrungen und Berabredungen in größter Beimlichkeit getroffen, brach ber Sturm gleichzeitig in allen Landschaften los. Die festen Burgen wurden erbrochen, die Protestanten unbarmberzig nieber- 20. Det. gemacht; Taufende bon Leichen lagen unbeerdigt umber. "Die elementaren Rrafte, die bisher durch die farte hand der Regierung beherrscht worden, erhoben sich in wilder Ungebundenbeit; ber religiofe Abschen trat in einen ichenklichen Bund mit ber Furie bes nationalen Saffes. Die Motibe ber ficilianischen Besper burchbrangen fich mit benen ber Bartholomausnacht." Throne's Ansprüche lebten in seinem Erben wieber auf; mit barbarischer Graufamteit weibete er fich an ben Seenen bes Morbe. Ant wenige Burgen widerftanden ben Angreifern, barunter das Schlos von Dublin burch den Abfall Owen Couglins von den Berichwornen. Es lagt fich benten, mit welchen Befühlen man in England die Schredensbotschaften aus Seland aufnahm, in welche fieberhafte Bewegung bie erregten Gemuther geriethen! Die Ermordung ber protestautischen Colonisten wurde bem Sof und insbesondere ber Rönigin jur Laft gelegt und von ben Puritanern bes Barlaments benutt, um bas Bolt burch bas Gerücht einer Berbindung ber

Bapiften, Bischofe und Soflinge zur Bernichtung des Glaubens und der Freiheit in Angst und Buth zu segen. Es half nichts, daß der Ronig einige Mannschaften nach Irland fandte, um den Grauelseenen Ginhalt zu thun, auch er entging nicht ber Rachrebe, daß ihm der Aufstand willkommen fei. Satten doch die Insurgenten erflart, daß fie des Ronigs Autorität auch ferner in Grun-Erin aufrecht erhalten wollten. Beide ftunden ja dem gleichen Beind gegenüber. Die verwilderten Banden, welche in ben nachften Jahren alles Sachsenblut und allen antifatholifchen Ritus aus ihrer Insel vertilgen wollten, haben niemals offen ben Ramen bes Ronigs pon ihrer nationalen und religiofen Sache getrennt. Der Ranatismus fuchte fic immer noch burch einen Schimmer von Lopalität zu berbüllen.

Die puritas nifche Opros

Die Rudwirkung machte fich balb fühlbar, als bas Parlament nach ber fition im Ankunft des Ronigs wieder zusammentrat. Es war bemerkt worden, daß manche Mitalieder Die Fluth der Reuerungen und Reformen einzudämmen munfchten, daß die Entfernung der bon Laud eingeführten Gebrauche und Ceremonien und die Berftellung des calvinistischen Ritus beim Abendmabl, die rigorose Sabbathfeier u. A. nicht nach Aller Sinn war; viele nahmen mit Unruhe und Betlemmung mahr, daß die gangliche Abschaffung ber bischöflichen Berfaffung von den Buritanern mit Gifer ins Auge gefaßt fei. Durch die Borgange in Irland erhielten nun die Parteiführer ber Opposition wieder Obermaffer. Pom ftellte eine große "Remonstrang" von 200 Beschwerdeartiteln über die gange Regierung Rarls I. aufammen, um zu beweisen, daß der König von jeher burch eine papistisch-jefuitifche Raction beherricht worden und noch immer beherricht werde. Der 3wed dabei war, das Parlament für fein vergangenes Thun zu rechtfertigen und fein fünftiges Berhalten jum Boraus als nothwendige Abwehr ftaatsverderblicher Blane und Ginrichtungen erscheinen zu laffen. Unter ben Untragen ftand Die Aufhebung der bischöflichen Berfaffung und die Buftimmung des Barlaments bei ber Ernennung ber hohen Beamten in erfter Linie. Rach fturmischen Debatten 22. Nov. erhielt die "Memonstranz" die Mehrheit des Unterhauses. Die von der Minorität beantraate Brotestation murbe gurudgewiesen. Die Abschaffung bes Episcopats und die Mitwirtung des Barlaments bei Befetung des hoberen Staatsbienftes war somit im Bringip ausgesprochen. Der Konig mar febr ungehalten über bie Bill; zum Beweis, daß er den zwei Sauptforderungen nicht nachzugeben Billens fei, befette er fofort bie erledigten Bisthumer ohne irgend eine Beschräntung ibrer Befugniffe und übertrug die wichtigften Bof- und Staatsamter nicht ben Parteihäuptern bes Unterhaufes, fondern Ebelleuten von gemäßigter robaliftifcher Gefinnung. Unter ihnen waren Digby und fein Bater Lord Briftol die fabigften, beredteften und daraftervollsten. Auch die neuernannten Bischöfe maren geachtete und gelehrte Manner von gemäßigter Gefinnung. Aber bie Gegenpartei fab in jedem Ablenken von ihren Forderungen reactionare Rundgebungen. Die Remonftrang wurde gedruckt und verbreitet und gur Erregung tumultuarischer Demonstrationen gebraucht. Buritanische Prediger eiferten von den Kanzeln berab gegen die

papiftifchen und hochtirchlichen Tendenzen, die von Reuein fo ohne Scheu hervortraten; als um Beihnachten ber Gemeinberath ber Sanptstadt durch neue Mitglieber erganzt warb, murben faft ausschließlich Presbyterianer gemählt.

Da verbreitete fich die Rachricht unter ber Burgerschaft, ber Oberbefehl über Ausschlies ben Tower fei dem bisherigen Commandanten Balfour, einem Schotten bon Bifcofe vom popularer Gefinnung abgenommen und einem ropalistifch-gefinnten Rriegsmann nbertragen worden. Die Führer bes Unterhauses erblickten barin ben Beginn einer gewaltsamen Reaction; fie erhoben Ginsprache gegen die Ernennung und ersuchten die Lords der Protestation beizutreten. Die Majorität des Oberhauses berichob die Enticheidung um einige Tage. Dies fchrieb die Actionspartei dem Einfluffe der Bischöfe zu und organisirte einen Aufstand, um durch Ginschückterung 27. Decbr. den Staat von diesem Bennuschuh zu befreien. Als die geistlichen und weltlichen Beers zur Morgenfigung berfammelt maren, ftromte eine tumultuarische Menge, insonderheit Lebrburichen und Gesellen ber Raufmannschaft und bes Gewerbefandes nach Beftminfter und bedrohte die Mitglieder mit Schmähungen und Beleibigungen. Um folgenden Morgen wiederholten fich die Auftritte. Da befchloffen die Bischöfe auf Unregung des Erzbischofs Billiams von Bort, der Gewalt ju weichen, zugleich aber eine Urfunde zu unterzeichnen, durch welche fie alle Beichluffe, Die mabrend ihrer unfreiwilligen Entfernung im Barlamente gefaßt werden follten, für null und nichtig erklärten. Darin erblickte bas Unterhaus eine Berletung ber Berfaffung und flagte die geiftlichen Beers auf Sochverrath an. Bor ben Schranten bes Oberhaufes mußten fie tniend die Antlage boren, daß fie fich ungehörige Rechte angemaßt, ba in England die Bifcofe feinen Stand bilbeten, deffen Abmesenheit parlamentarische Beschluffe ungultig machen fonne, und wurden dann im Tower und in andern Gefangniffen in Gewahrfam Bon ber Beit an traten die Factionen ichroffer gegen einander auf. Die parlamentarifch-puritanische Partei richtete ihre Pfeile gegen alle, die nicht mit ihr gingen und bedrobte fie mit Prozessen: nicht nur daß fie die Großbeamten, bor Allen Digby und Briftol zu ffürzen fuchte, man fprach fogar bon einer Anklage ber Ronigin, beren Sofhalt ber eigentliche Beerd bes Papismus und der hochfirchlichen Reaction fei. Das Unterhaus ging immer weiter in feinen Ansprüchen und in feiner Dachtvergrößerung: als ber Ronig die Bache, die er dem Saufe mahrend feiner Abwefenheit gestattet hatte, wieder zurudzog, erlaubten die Gemeinen jedem seiner Mitglieder einen bewaffneten Diener aus der Milia mitgubringen und bor ber Thure auf fich warten gu laffen; als Berbungen von Kriegsmannschaft gegen Irland beschloffen wurden, erhob fich die Frage, ob diese wie in früheren Beiten im Ramen bes Ronigs unter bem großen Siegel por fich geben follten : bas Saus enticied, daß feine eigene Berordnung genüge, und fab fich bereits nach geeigneten Beerführern um, benen man ben Oberbefehl anvertrauen mochte.

Magreffives Ergrinunt über folche Gingriffe in feine Soheiterechte faste ber Ronig einen Borgeben Blan, ber zu keinem guten Ende führen konnte. Rarl konnte es nicht vergeffen, Ergrinnut über folche Eingriffe in feine Bobeiterechte faste ber Ronig einen lamenteglies daß die Gemeinen wider Recht und Geset den Grafen Strafford zu Falle gebracht; und als jest auch noch Digby und Briftol von einer abnlichen Anklage bedroht waren, ba beschloß er dem Angriff zuvorzukommen und den Hauptern der Gegenpartei zu Leibe zu geben. Er meinte die Beschuldigungen, die man einft gegen den Lord-Statthalter von Irland vorgebracht, konnten mit eben fo viel Erfolg auch gegen die Baupter ber Opposition gerichtet werben. In Begiehung auf die Antlageartifel mochte dies zutreffen; er überfah aber, daß Strafford nicht durch Die Landesgesete, sondern durch einen Ausnahmeact legislatiber Gewalt Die

Strafe ale Bodverrather erlitten und daß bas Caus ber Lorde leine Criminaljuris. 3 3an. 1642. diction über die Gemeinen befaß. Um 3. Januar erschien der General-Anwalt der Krone im Oberhaus, um gegen Lord Mandeville (Rimbolton) und funf bervorragende Mitglieder des Unterhauses eine Rlage auf Bochverrath zu erheben. Es waren Sampben, Bom, Sollis, Sablerigh und Strobe. Darauf trat ber fonigliche Baffenberold in ben Sigungsfaal der Gemeinen und begehrte in bes Ronigs Ramen die Auslieferung Diefer Mitglieder. Das mar wohl in fruberen Jahren baufig genug geschehen und ber Ronig mochte glauben in feinem Rechte au fein: aber die Beiten maren anders geworden. Der Sprecher wiberfeste fich bem Berlangen; zwar feien die genannten Manner allezeit bereit, fich einer gesetlichen Antlage zu unterwerfen, aber in biefem Falle liege ein Bruch ber parlamentarifden Brivilegien bor, bon bem man guber burch eine Deputation bem Ronig Runde geben muffe; bem Saufe ftebe bas Recht gu, die Jurisdiction in feiner Mitte zu üben; ohne feine Cinwilligung tonne fein Mitglied verhaftet werden. Am andern Tag erschien Rarl felbst mit einigen hundert Bewaffneten, die an ben Thuren und in ben Gangen des Barlamentshaufes aufgestellt wurden. Er trat in Begleitung seines Reffen, des Pfalzgrafen Ruprecht (Rupert) in ben Saal, ben Sut in ber Sand und nach allen Seiten grußend, und verlangte bie Muslieferung der Angeflagten. Allein diese waren burch ben Oberfammerberrn, Graf Effer gewarnt worden und hatten fich von der Sipung fern gehalten. Der König fand "bie Bogel ausgeflogen". Mit bem Befehl, daß man ihm die Angeflagten auschiden folle, verließ er ben Saal in derfelben Saltung. Da die Bedrohten in die City gefloben waren, so begab fich Rarl nach Buildhall, um die Auslieferung von den ftadtifchen Behörden zu erwirten. Aber er überzeugte fich bald, daß auch hier die frühere Ergebenheit verschwunden fei. Rur wenige Stimmen riefen : "Gott fegue ben Ronig", viel lauter ertonte ber Ruf : "Privilegium! Parlament!" Eine Flugschrift "Bu euren Gezelten Israel!" die ihm in die Band gefpielt wurde, war eine Mahnung, daß die Beiten Rehabeams wiedergekehrt feien.

Cavaliere Rach diesen Auftritten vertagte fich das Parlament auf einige Tage, die topfe. laufenden Geschäfte einem Ausschuß übertragend. Diefer erschien in ber Build. hall, wo er mit allen Chrenbezeugungen empfangen ward. hier wurde ber

Befoluß gefaßt, bas bie Antlage gegen bie funt Barlamentsglieber illegal und ein Bruch ber Bribilegien fei, wer ben Berfuch nuche, fie auszuführen, folle als öffentlicher Beind Des Gemeinwefens betruchtet werben. Um folgenben Lag 7. 3an, 1842. wurden die funf Angeflagten von ben Miligen und Garben, von ben Schiffern der Themfe und von einer gabliofen Bollemenge im Trimmphe nach bein Batlamentshaus gurudgeführt; aus Budinghumibire waren 4000 Reiter gur Ber-Darauf befchloffen Barlanient unb City, theidigung Bampbens ericienen. bewaffnete Mamithaften aufzustellen, über welche ein Sauptmann von etprobiter Gefinnung, Stippon, ben Oberbefehl fuhren follte. Im Gegensatz zu diesem parlamentarifc-puritanifchen Beere, bas in der Sanptftudt London und in ben flabtifchen Communen und Graffchuften ber Dittiffe fein Sauptcontingent hatte, ichaarten fich bie Robalisten, inebefondere die waffengenbten Elnibofner von ber Balifer Dart, ber zahlreiche bie und ba noch taibolifche Landadel von Bortibite, bie Ritter und Junter von Orfordibire und Die Ausleje ber Gettell, die von ben Stuarts ben Baronetstitel erlangt, um beit in feiner Dacht und Autoritat bebrobten Ronig. Das Bolt nannte bie fibmiliden Berren in ritterlicher Tracht, mit Feberhut und wallenbein Lodenhaupt "Cavaliere", fie aber belegten ihre Begner mit bem Spottnamen "Runbtopfe" von bein Schilt ihrer Saate auf bem turz geschornen Scheitel, ilber ben ein spiger breitranbiger Sut ober eine Gifenhaube emporgeftulpt war. Flugblatter und Beitschriften, die neuen Erzeug. niffe einer freien Breffe, aufreigende Reben in Rirchen und Berfainmlungen erhielten bas Bolt in Aufregung und gaben ber öffentlitien Meinung Ausbrud. Tumultuarische Demonstrationen gingen tieben ben Barlainenteverhaliblungen ber und berftarten die puritanische Factlott, bei ber niehr und illehr die tepublicanischen Ibeen Gingang fanben.

Unter biefen Uniftanden bielt fich ber Ronig in Bhitegan nicht meht ficher; parlamen er begab fich tritt feiner Beliahlin und bem Bof nach Saittblonkourt und von Uebergriffe da nach Binbfor. Die Gemeinen aber fasten nach ihrein Biebergitfaminentritt graffde den Befchluß, daß nur den mit Beiftilnftinng bes Barlanfente erluffenen Befehlen des Konigs Folge zu leiften fet. Run lag bie Stautsnutorität Hung iffi Unterhaus; im Baufe ber Lords fanben fich hut folde Mitglieder ein, die mit ben Commons übereinstimmilien; burunter freilich noch immer einige Blieber altberühmter Geschlechter, wie Graf Effer, wie Graf Suffolt, ein Sproß bet Honbatbe, wie Graf Bebford, das Patibt bet Ruffels, Berty Graf von Rotthunibetlatid n. a. Bie wenig aber biefe Berren wagtell; det bon der Forifchrittsparter allegegebenen Barole zu widerfiehen, den populdren Ueberflutgliffen einen Damm entgegenzuwerfelt, beweift bie im Dbethaufe angenoinfilene Bill bom 5. Febr., 5. Bebr. 1642. durch welche ben Bischöfen bas Stimmrecht in Barlanteilt und febe Thellnahme an ben Staatsgeschaften entzogen warb, ein Befdlif, ber ben feit einem Sabebundert befiehende Stantsorgunismus gerfette, Die conffiftitiven Gerbalfen und Bundamentalgefepe bes geineinen Befens veranberte, bie garije gefchichtliche

Bergangenheit der Ration einer neuen Ordnung entgegenführte. Schon überlegte man in den Rreisen der parlamentarischen Saupter, wie man den Ginfluß ber Ronigin und ihrer Umgebung auf den Ronig beseitigen und die hoben Regierungsftellen in die eigenen Sande nehmen moge. Satten die Stuarts fruber burch Ausdehnung ber Brarogative ber Arone, burch Berlegung ber nationalen Rechtsbestimmungen gegrundeten Anlag zur Opposition gegen die absolutiftischen Tendenzen ihrer Regierung gegeben, jo machte fich jest bas Parlament einer gleichen Berletung ber Ronigerechte foulbig. Richt gufrieden, Die monarchische Bewalt in die gefetlichen Schranten gewiesen zu haben, legte das Parlament fich die legislative Autorität in Staat und Kirche allein bei und suchte die ganze öffentliche Gewalt in seine Hände zu bringen. Es bestand nicht blos auf der Ausschließung ber Bifcofe von jeder Mitwirfung am Staateleben, es verlangte auch, bag ber Ronig ben Oberbefehl über die Festungen und die Milis nur folden Berjonen übergebe, die ihm von beiben Baufern vorgeschlagen wurden. Der Ronig trat mit dem Barlamente in Unterhandlungen ein, und wie widerwärtig ihm immer bie Forberungen erscheinen mußten, er wies fie nicht gang gurud: er wußte, daß unter ben Barlamentsgliedern bereits eine Spaltung eingetreten mar, daß nicht alle ben Stimmführern ber Opposition auf die außerste Grenglinie au folgen bereit seien. Durch augenblidliches Rachgeben tonnte vielleicht eine gunftigere Benbung berbeigeführt werden, die ihm die Biedererlangung der vollen Autorität möglich machte. Darum willigte er in die Entfernung der Bijcofe aus bem Dberhaufe und aus ihrer weltlichen Rechtsftellung. Blieb ja doch die bijcofliche Rirchenverfaffung unerschüttert, mit beren Gulfe im Laufe ber Beit auch die politische Macht gurudgewonnen werben mochte. Selbst in Betreff ber Befehlshaber war er einer Berftandigung nicht abgeneigt. Er ließ fich eine Lifte vorlegen, aus benen er die Commandanten mablen wollte; als aber baran die Bedingung getnüpft ward, daß die Ernannten nur mit Buftimmung ber beiben Baufer von ihren Stellen wieder entfernt werden durften, daß ihre Anfiellung auf immer, ober boch auf langere Beit gesetslich fein follte; ba wies Rarl bie Korderung mit Entrustung zurud. Sollte er zugeben, daß das wichtigste Recht ber Souveranetat, die Militargewalt ibm aus ben Sanden gewunden werde? Sollte aber auch anderseits das Parlament sich mit einem Bugeftandniß begnügen, bas ibm für die Butunft feinerlei Sicherheit gewährte, bas jedes Berfprechen illusorisch machte? Gine Berftandigung war bei so entgegengeseten Bielen nicht ju erwarten. "Burbe ich Euch gemahren, mas Ihr von mir verlangt", fagte Rarl zu ben Commiffarien, "fo konnte ich allerdings noch ben Ramen Dajeftat führen, könnte mir immer noch Stab und Schwert vortragen laffen und mich am Anblid einer Krone und eines Scepters weiben; auch tonntet Ihr Guren Befoluffen als Gingangsformel vorfeten: ber Bille bes Ronigs burch die beiben Baufer bestätigt; aber mas die wirkliche und eigentliche Gewalt betrifft, mare ich nichts mehr als bas Bilb, bas Beichen und ber eitle Schatten eines Ronigs."

Richt auf eine Stunde, ertlarte er, wurde er bem Parlamente bas Recht ber Berfügung über bas Rriegsheer überlaffen.

Die Berhandlungen waren von teiner Seite aufrichtig gemeint: bas Barla. Ginfluß ber ment wollte fich mit Garantien umgeben, wodurch eine fonigliche Willturberrichaft Der Ronigin. für alle Butunft unmöglich gemacht und die Mitwirtung ber Ration bei allen Sandlungen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gefichert wurde; ber Ronig fuchte aus bem Schiffbruch feiner Brarogative noch einige werthvolle Stude zu retten und mas ihm mit Gewalt entriffen worden, wieder mit Gewalt an fich zu bringen. Die Unterhandlungen maren nur ein mit mehr ober weniger Bewußtsein burchgeführtes Trugfpiel: das Barlament steigerte seine Forderungen zu einer Sobe, daß daneben fein Raum blieb fur eine perfonliche Ronigsgewalt; und die Stuart'iche Bof. camarilla mit den ergebenen Dienern und Anhangern im Beer, im Abel, bei ben pofitiven Rirchenmannern fuchte Beit und Rrafte jum Angriff gegen die Opposition ju gewinnen. Die Seele biefer aggreffiven Thatigfeit mar bie Ronigin. Bir wiffen, bag ihre reactionar - tatholifden Tenbengen wefentlich jur Entzweiung zwischen Regierung und Bolt beigetragen; in diefen Tagen ber Aufregung ftieg ibr Anfeben und ihr Ginfluß: fie fab in ber Rachgiebigfeit ihres Gemables gegen ben popular-puritanischen Drud eine Berlegung bes Chevertrags, einen Angriff auf ihre perfonlichen Gerechtsame, woraus schlimme Folgen für Staat, Rirche und Monarchie hervorgeben wurden. Seit bein Tobe Budinghams und Bentworths behauptete fie die erfte Stelle im Bertrauen des Ronigs; er war ihr mit wachsender Bartlichkeit jugethan; ihre Bildung, ihr Berftand, ihr Scharffinn feffelten ihren toniglichen Cheherrn immer mehr an fie; fie hatte von ihrem Bater ben energischen Geift, bon ihrer Mutter die Berrichsucht und den unternehmenden Ginn ererbt. Run wurde in Bindfor der Befchluß gefaßt, fie follte fich mit ben Aronjuwelen über den Ranal begeben, um in den Riederlanden Sulfsmannichaften anguwerben, indeß der Ronig felbst mit feinen Getreuen feine Refideng in Bort aufichluge, um bon bem ropaliftischen Beerlager bes Rorbens aus feine Gegner jum Gehorfam unter bas Gefet und bie fonigliche Autoritat ju zwingen.

c. Der Burgertrieg in ben zwei erften Sahren.

In den Marztagen des Jahres 1642 wehte eine schneidige Luft in dem Borgeichen britifchen Inselreich. Jederman fühlte, daß es jur Entscheidung des Schwertes tommen wurde, und Riemand wollte die ichwere Berantwortung auf fich laben, bie Lojung jum burgerlichen Rriege ju geben. Das Parlament faßte ben Beichluß, bas Reich in Bertheidigungsstand zu segen; auf ber Reise nach bein Rorben begriffen, ließ bagegen ber Ronig bon huntingbon aus ein Manifest 15. Mary ergeben, daß jede Rriegsordonnang ohne feine Beiftimmung ungefetlich fei und Riemand dem Befehl Gehorsam zu leiften habe. Darauf erwiederten Lords und Gemeine, bem Barlament ftebe bas Recht zu, zu bestimmen mas Landesgeset fei;

in den Befchluffen beider Saufer fei der fopigliche Bille als inbegriffen voraus. gefest. Schon war es hie und ba ju feindseligen Demonfrationen getommen, und noch hatte man tein direttes Ariegemanifest erlaffen. Der gonig batte gegen Die Schotten bittere Erfahrungen gemacht; er wollte teinen wuen Reldzug unternehmen, ebe ihm durch die Ronigin Bulfemannichaften vom Beftlande jugegangen fein wurden. Denn auf die Miligen tonnte er fich, nicht verlaffen. Auf beiden Seiten mar man bemubt, fich ber festen Stabte zu verfichern. In Tower au London hatte Lord Byron, ein energischer, ritterlicher, ber toniglichen Sache treu ergebener Chelmann den Oberbefehl. Als er fich weigerte bie Citabelle ju öffnen, erhielt Stippon die Beijung, die Burg ju umfellen und Lebensmittel und Rriegevorrath abzuschneiden. Der Ronig wagte noch immer nicht zur Gewalt zu fchreiten. Er ertheilte dem Commandanten, Der bald ins Bedrange fam, die Erlanbnig, fich mit ben Bevollmächtigten bes Parlaments in Unterhandlungen einzulaffen. Die Folge mar, daß der Tower einem parlamentarijch gefinnten Befehlshaber, Copper, übergeben ward. Unterdeffen hatte fich Rarl in Bort festgesett; Die gablreichen Bemeise von Treue und Ergebenheit, die ihm bier zu Theil wurden, erhöhten feinen Muth; immitten einer ropaliftifch gefinnten Bevollerung, gededt im Ruden burch bas verfohnte Schottland, mochte er hoffen, ber popularen Sochfluth widersteben zu konnen,

Sull bem Bu den wichtigsten Staten ver Rovene Begore, fie war mit reichen enthalten. Schiffahrtaftadt hull an der breiten Mundung des Humber; fie war mit reichen und Roseltiannaen versehen und hatte eine Barnifon unter bem Dberbefehl Gir John Dotham's, eines erfahrenen Rriegs-Enbe April. ingnnes und Parlamentemitgliedes, Gegen Ende April erschien der Ronig begleitet von seinem Reffen Rupert und seinem zweiten Sohn, bem Bergog von Bort, vor Sull und forderte ben Befehlshaber auf, ihm die Stadt ju übergeben. Die ftadtifchen Behörden hielten meistens jur toniglichen Sache, die Burgerschaft dagegen, zum Parlament. Run trat die wichtige Lebensfrage an den Commanbanten beran : folle er ben Ronig ale den oberften Beernjeifter angerkennen und ibn mit feinem Rriegsgefolge in die Feftung aufnehmen, oder folle er die Stadt bem Barlamente, bas ihn jum Oberbefehlshaber eingesett, erhalten? Er entfchied fich fur das Lettere: Die bochfte Gewalt, bewies er, rube im Ronig und Parlament; wenn aber amifchen beiden ein Bwiefpalt eintrete, fo muffe man ben Bertretern ber Nation, Die im Berein mit bem Monarchen Die Staatshoheit reprafentirten, Gehorfam leiften; nicht bent perfonlichen Rouigthum, fondern ber foniglichen Staatsgewalt, die in den Landesgeseten und in den alten Rechten und Instituten ihr Fundament habe, fei nian Treue fouldig. Rarl ertlarte John Botham für einen Berrather; bas Unterhaus antwortete mit dem Befdluß, "daß ein solches Urtheil über ein Mitglied des Unterhauses und zwar ohne gerichtliches Berfahren ausgesprochen, ein neuer Bruch der Privilegien des Parlaments und ein Alt der Ungesetlichkeit von Seiten bes Ronigs fei". Die Beweisführung

Sothams fand indeffen manden Biderfprudy: In Bort und in ben nörblichen Grafichaften befannte fich die Mehrheit des Bolfes, vor Allem ber Abel und die Gentro zu der Anficht: fo wenig der Konig allein oder mit den Lorde ohne Buftimmung ber Gemeinen Gefete nigden tonne, fo wenig ftebe biefe Macht bem Parlamente affein ju ; "bie breifaltige Schnur burfe überhaupt nicht aufgeflochten werben". Bie im Triumph wurde ber Konig nach Bort zurnd geleitet; balb standen 20,000 bewaffnete Cavaliere, jum Theit aus den angefebenften Rittergefchechtern, unter ber robaliftischen Sahne, breunend von Begierde, Die Rundtoufe in London und in den füblichen Seeftabten unt Schwert und Carabiner angufallen.

In ben puritanischen Rreifen gewannen die republikanischen Idezu immer Stimmung mehr Boden. Das Bartament, bewies man, ftebe über bem Ronig: benn diefer Die "Brobojei in feinen Regierungehandlungen an die Gefete gebunden; jenes aber mache die Gefete und fei fomit über jede positive Rechtsbestimmung erhaben. In London und in den fudlichen Graffchaften erhielt bas populare Clement unchr und mehr die Oberhand, das ftabtische Regiment wurde bem Magistrat entzogen und einem neugewählten Gemeinderath übergeben. Da verliegen zwölf Lords, barunter Rorthampton . Monmouth, Salisburt, Devonitire u. a. bas Situngshaus in Befiminfter und benaben fich nach Bort. Auch Littleton, ber Großfiegelbemabrer, entfloh beintich nach Rorben und überbrachte bem Ronig das Reichsfiegel. Das haus ließ ein neues anfertigen. Im Juni murbe noch einend eine Juni 1642. Berfiandigung durch die Gemagigten beider Barteien versucht. Man legte bem Ronig neunzehn "Bropofitionen" als Bafis einer Friedensübereinkunft vor. Danach follte bas firchliche und ftaatliche Leben in England auf ähnlichem Fuße eingerichtet werden wie in Schottland: Die Rirchenverfaffung und Liturgie follte eine burchgreifende Reform erfahren; Die boben Staatebeamten, Die Mitglieder des geheimen Raths, der Lordoberrichter follten nur unit Buftimmung ber beiden Saufer angestellt werden durfen; in Betreff der militarifchen Gewalt follte die frühere Korderung des Barlaments bis zu einer weiteren Uebereinkunft in Rraft bleiben und die friegerischen Anordnungen zur Landesvertheidigung als gesetlich auerfannt werden. Sogar bei ber Erzichung und Bermahlung ber toniglichen Kinder follte die Ginwilligung ber Reichsstände erforderlich fein. Wie tonnte ber König in eine folde Umgestaltung ber monarchuchen Berfaffung, in eine solche Berabiesung ber Erecutivgewalt willigen, wie bem Barlament die politische und militärische Obergewalt einrämmen? Und gerade jest erhielt er von allen Seifen Beweise lopaler Befinnung.

So wurde benn im gangen Lande jum Rrieg geruftet. Bahrend tonigliche Die beiben Commiffgrien in ben nördlichen und mittleren Grafichaften ihre Berbelager aufihlugen, wurden im Süben und Often die Ordonnanzen des Parlaments umbergetragen. Benu man im rohalistischen Lager auf auswärtige Kriegsmannschaft rechnete, so wurden die Erwartungen bald berabgestimmt. Deun da die gange Streitmacht bes Bestlandes im breißigjährigen Rrieg verwendet mar und bie

Generalftaaten in bem englischen Burger- und Parteitampf eine neutrale Stellung behaupten zu wollen erklarten, fo tonnte feine Unterftugung erlangt werden; und wo hatte diefelbe auch landen follen, da alle Bafenstädte fich in den Banden des Barlaments befanden und die Seemacht unter dem Oberbefehl des Admiral Barwid, eines dem Barlamente treu ergebenen entschloffenen Flottenführers ftand? Zwar stellten fich viele ritterliche und friegsgeubte Schaaren unter bie königliche Fahne und zogen schlachtmuthig ins Feld. Aber tropbem maren Die Streitfrafte fehr ungleich. Die ropalistischen Offiziere und Cavaliere hatten meistens nichts als ihren Degen und ihr lopales Berg; Die Gelbsummen, welche bie Ronigin in Solland aus ihren vertauften und verpfandeten Juwelen einbrachte, und das eingeschmolzene Gilber ber Universität Orford, reichten nicht weit und an Baffen und Rriegsbedarf war die Ausruftung ungenugend. Gang anders waren die Buftande im feindlichen Beerlager; benn mabrend ber Rouig ohne julangliche Mittel war und seine Armee bald an Allem Mangel ju leiden begann, befag bas Barlament nicht nur alle öffentlichen Ginnahmen, sondern wurde auch durch Darleben und Privatbeitrage reichlich unterftugt. Bei der erften Aufforderung brachten die Familien ihr Silbergerath, die Beiber ihren Schmud, und alle Steuern und Abgaben, die man dem Ronig hartnädig bestritten, wurden bem Barlamente freudig dargereicht. Ja die eifrigen Buritaner legten fich freiwillig Fafttage auf und übermachten die Ersparniffe für die ausgefallenen Dablzeiten ber Regierungstaffe. Auch in ber militarischen Anordnung bewährte das Parlament Geschid und Umficht. Die Rriegeleitung wurde in die Bande eines Sicherheitsausschuffes gelegt, in welchem neben Phin, Dampben, Fiennes auch gemäßigte Manner wie Bolles und Stapleton und die Lords Northumberland, Say, Holland mit Rath und That wirften. Carl of Effer, ein tapferer Rriegsmann, der das volle Butrauen der Bresbuterianer befaß und den die Erinnerung an feinen Bater bei dem Bolte popular machte, wurde jum Oberfeldheren des neugeworbenen parlamentarifchen Beeres ernannt. Bemabrte Patrioten wie Bampben, Lord Manchefter, den wir ichon fruber als Lord Mandeville-Rimbolton unter den Bortampfern der parlamentarifden Oppofition tennen gelernt, Thomas Fairfag und die Sauptleute der Reiterei, Crom. well, Baslerigh u. a. ftanden ihm gur Seite. Bie einft bei ben Schotten, fo folgten auch jett presbyterianische Beiftliche bem Beer, belebten ben Muth und die Streitluft durch Bredigten und Gebete und hielten die Soldaten in Bucht und Gottesfurcht.

Die Anfange
Wan hat viel darüber gestritten, auf welcher Seite der Bürgerkrieg begonnen worden; das gezogene Schwert hatten bereits beibe in der Hand; aber der eigentliche Angriff ging von den Royalisten aus: noch einmal machte Karl Aug. 1842. einen Bersuch, Hotham zur Uebergabe von Hull zu bewegen; als dieser bei seinem Widerstand beharrte, schritt der König zur Belagerung. Da schickte das Parlament rasch Entsammnschaft hin, die mit der städtischen Besahung vereinigt die Angriffe

Bor Sull floß bas erfte Bürgerblut. Auch ber Berfuch bes Grafen von Rorthampton, die Stadt Coventry am Erent gur Aufnahme bes Konigs und feines Gefolges zu bewegen, fchlug fehl; als die Ropaliften mit 19. Mus. Gewalt eindringen wollten, festen die Burger Gewalt entgegen. In Portsmouth mußte Oberft Goring, ein entschloffener Bertheidiger ber toniglichen Gache, vor Effer und bein Abmiral Barwick fich bengen. Am 22. August pflanzte Rarl die 22. Aug. fonigliche Standarte vor Rottingham auf, damit nach alter Sitte der Lehnsadel jum Sous des Ronige fich um Diefelbe ichaaren mochte. Ale Inschrift trug fie Die Borte: "Gebet dem Raifer mas bes Raifers ift." In einer feierlichen Proclamation wurden alle getreuen Unterthanen aufgefordert, bem Ronig Beiftand gu leisten gegen die rebellischen Unternehmungen des Grafen Effer. Als aber dieser mit überlegenen Streitfraften fich nordwarts bewegte und fich bereits ber Stadt Northampton naberte, bielt fich ber Ronig nicht für ftart genug, bem Feinde in offener Relbichlacht zu begegnen; er zog fich nach ben Bergen von Rordwales, wo die Einwohner ropaliftisch gefinnt waren, und nahm fein Standquartier in Shrewsbury. Den Oberbefehl übertrug er bem Carl of Lindfay; aber ber fühnfte und unternehmendste Feldhauptmann im toniglichen Deer mar Ruprecht von ber Pring Biala, ber an ber Spike feiner berittenen Schwadronen bas Land burchstreifte, Gromwell Magagine plunderte, Feinde niederwarf und tapfere Manner ber toniglichen Sache auführte. 3m parlamentarischen Beerlager wurde er als "Pring Robber" bezeichnet. 3hm zur Seite ftanben sein Bruder Moriz und manche wilbe Gesellen, die in Deutschland die Rriegsfurie kennen gelernt. Durch fie fand bas Wort "Blundern" Eingang in die englische Sprache. Im Gegensat zu biesen wilden Reiterschaaren ber Cavaliere bilbete Cromwell aus ben robuften und mobilhabenben Freeholders ber Graffchaften ein burgerliches Reiterregiment, bas ohne Sold diente, neben ben Pferden auf der Erbe lagerte und die ftrengfte Mannezucht hielt, jene berühmten "Gifenseiten", die von politisch-religiosem Enthusiasmus getrieben, im Ramen des Allerhöchsten in den Reind stürzten, fastend, betend und Bjalmen fingend, dabei aber mit unwiderftehlicher Tapferteit tampften und teinen Bardon gaben. Im Spatherbft ftanben bie Sachen bes Ronigs nicht ungunftig. Das Aufpflanzen ber Stanbarte hatte in bem Landadel die alten ritterlichen und robaliftifden Gefühle gewedt : täglich zogen neue Streiter in bas tonigliche Lager: in Chefter hatte man reiche Rriegsvorrathe, Die für Irland beftimmt maren, erbeutet; und als es unweit Borcefter zu einem Treffen tam, trug Prinz Rupert im fturmischen Anprall einen Sieg bavon. Bie freute fich Rarl, als ihm gefangene "Rundfopfe" jugeführt wurden! Er und feine Anhanger trugen fich ichon mit der Hoffnung, bald in die Sauptstadt einziehen zu konnen. Roch hober flieg ihre Zuversicht, als sie in dem blutigen Treffen von Sogehill trop ihrer geringeren 23. Det. Streitmacht ben Heerhaufen ber Puritaner mit Erfolg widerstanden. Es war fein entschiebener Sieg, und aus ber fraftvollen und muthigen Saltung bes parlamentarifchen Fußvolts, befonders der jungen Londoner Bürgermiliz konnte man

ben Schluß giehen, bag die patriotifche Begeisterung von nachhaltiger Rraft fei ; aber auch Ruprechts fühne Reiterschaaren batten fich glanzend bervorgetban. Fortan fand der Rame des deutschen Bringen oben an; allein er war hochfahrend und unbotinäßig; Lindfan, ber in ber Schlacht bei Edgebill die Tobeswunde empfing, hatte fich oft über die mangelhafte Rriegszucht und ben wilben unbandigen Sinn des deutschen Reiterführers zu beklagen; und auch Lindfags Rach. folger, der tapfere Marquis von Newcastle, tounte sich nicht mit ihm bertragen. Bald nachher gelang es den Ropaliften, durch einen gludlichen Ueberfall bei 10. Nov. Brentford den Londouer Regimentern große Berluste beizubringen; aber die wilde Graufamfeit und Raubgier, welche die Cavaliere bei ber Gelegenheit an Tag legten, reigte die Rachsucht der Gegner und ftartte ihren Muth und ihre Biderftandefraft. Der Ronig war bereite bis Reading vorgernat, in ber hoffnung als Sieger in London einzuziehen; allein die friegemuthige Saltung ber Parlamentetruppen und der Einwohnerschaft bewog ibn, vor Gintritt des Binters mit feinem geichwächten Beere nach bem lopalen Orford gurudgutebren.

Das zweite

Das parlamentarifche Beer mit feinen frifden, wenig geubten Mannschaften Kriegejahr und bie hatte bisher im Kampfe gegen die waffenkundigen, streitfertigen Royalisten und machiende Barteimuth Gebirgeischne keine Lorbeeren davongetragen; es mar daher begreiflich, daß bie und da Auzeichen von Entmuthigung bervortraten. Bom und feine Genoffen mußten fogar mitunter zu terroriftischen Magregeln greifen. Nur ber Uebermuth der Ropalisten, die aus ihren Sieges. und Rache-Bedanten fein Behl machten, hielt auch die Londoner Bevölkerung bei der parlamentarischen Jahne. Rönigin mar es gelungen, unter heimlicher Mithulfe ihres Schwiegersohnes, bes Statthalters von Solland einige Schiffe und Mannschaften zu erlangen, mit benen fie nach England überzuschen beschloß. Bei ihrer Landung murbe fie mit Schuffen empfangen; bennoch erreichte die ritterliche Frau mit ihrem Aricasgefolge die Stadt Bort. Diefe Erlebniffe, Abentener und Befahren fteigerten ihr Selbftgefühl und ihre Siegeszuversicht. Sie beschwar in Briefen ihren Gemahl, fich in teinen Bertrag mit dem Parlamente einzulaffen, wodurch die tonigliche Autorität Schaden nehmen fonnte. Es war wenig Bahricheinlichfeit vorhanden, bag die Unterhandlungen, die im Februar 1643 zwischen Orford und London eingeleitet worden, zu einem Ausgleich führten; benn wie mare bei ber zwischen ben Tendenzen des Barlaments und ben Ansprüchen des Könige obwaltenden Grundverschiedenheit eine friedliche Beilegung ber Streithandel möglich gewesen? Aber gewiß trug der Rath und Biderfpruch ber Ronigin mefentlich bei, daß die Borfolage bes Parlaments fo rafc und entichieden gurudgewiesen murben. Und es ichien in der That, als ob die Ankunft der Ronigin die royalistische Sache au neuem Aufschwung bringen follte. In den Sommertagen, da fie fich mit But 1043, ihrem Gemahl in Orford vereinigte, ihm Mannichaft, Gefcut und Rriegsbedarf auführend, wurde bas Royaliftenlager mit verschiedenen Siegesbotschaften erfreut: Effer, ber fich der Stadt Reading bemächtigt, mar beim Bormarich von Arina

Rupert mehrfach mit Berluft gurudgeworfen worden; in einem Reitertreffen unfern der königstreuen Universitatsstadt fab man John hampden, von zwei Rugeln getroffen, gesenften Sauptes von dem Schlachtfelbe reiten. Als ber Ronig von bem Unfall feines großen Biberfachers borte, ichidte er ben Doctor Biles, der im Royalistenlager ju Orford weilte aber als Gutenachbar von jeber mit Sampden befreundet mar, an ben Berwundeten ab. "Ich bin fur Gir John ftets ein llugludebote gewesen", fagte er und reifte ab. Er fand ben großen baterlandifch gefinnten Mann im Sterben. Sampben ichieb aus bem Leben im Bor- 24. 3um gefühl großer Creigniffe, die nber die Ration bereinbrechen murben. Dit ibm verschwand die lette Hoffnung eines friedlichen Ausgleichs. Die Freude der Royaliften murbe noch erhöht durch die Runde, daß Ruprechts leichte Reiterei die ichwergerufteten Schwadronen Billiam Ballers und Sasterighe, die von Beften ber gen Oxford vordringen wollten, in die Alucht geschlagen. Ginige Tage nach. 13. 3ali. ber wurde die wichtige Stadt Briftol erobert und bamit die Möglichfrit einer Seemacht eröffnet; ba und bort fand die fonigliche Sache Barteiganger; Botham, der den erften Auftoß jum Bürgerfrieg gegeben, seitdem aber mit einigen Parlamentebauptern in 3wift gerathen mar, murde nur durch rechtzeitige Saftnahme von bem Blane abgehalten, die Reftung Gull den Koniglichen zu überliefern. 3a selbst in London tam man einem Complot auf die Spur. Comund Baller, Dichter und Mitglied des Unterhauses, fein Schwager Tourfyns und einige heine liche Ropalisten schloffen einen Bund, um wie fie fagten zwischen beiden Theilen einen Frieden zu vermitteln. Baller erkaufte fein Leben burch reumnithige Unterwürfigkeit und eine Geldsumme und wanderte aus, feine Mitschuldigen aber buften mit bem Tode. Biele betrachteten bas Gerichtsverfahren als ein Bert Inli. gewaltsamer Parteijuftig. Denn bereits galt ber Grundfag: "Ber nicht für uns ift, ift wider und!" In diesem Sinne wurde von Pom und Benoffen nach bem Borbild ber Schotten ein neuer "Gib und Covenant" vorgeschlagen, ber bon Barlament, Armee und Bolf geleiftet werden follte. Darin follte Jedermann feierlich geloben. baß er die Sache bes Barlaments als die Sache der Religion, der Freiheit und der Boltsrechte anerkenne und zu ihrer Bertheidigung Alles einsehen wolle. Damit war die Spaltung der Ration in ein ropalistisch-tatholischepiscopales und in ein parlamentarifch : popular : puritanisches Beerlager volljogen; jenes hatte feinen Sit in Oxford, diefes in London. 3mei Reichsfiegel gaben ben Erlaffen bes Ronigs und bes Parlaments die amtliche Sanction. Bermittlungsversuche wurden zwar nicht ganzlich aufgegeben, aber mehr und mehr durch den terroristischen oder gewaltthätigen Parteigeift erftidt ober als berratherische Complotte gebrandmarkt.

In Miltons "Sconoclaftes" erhalten wir ein lebendiges und getreues Abbilo von Terrorismus den tumultuarifden Scenen und fturmifden Boltsauftritten, burch welche das Parlament immer mehr auf ber revolutionaren Babn fortgetrieben wurde. Wenn gleich ber republikanische Dichter die Quelle alles Unbeils in ber Gemaltherrschaft der Stuarts

und in den absolutiftischen und reactionaren Tenbengen der Junter und Papiften erblidt, fo leugnet doch auch er nicht, daß die vollsthumliche Bewegung gulest felbft dem Barlamente über den Ropf wuchs, daß die Bollemenge, die taglich das Sigungshaus um= ftellte, durch Schreien und Droben auf die Befdluffe und Abstimmungen einwirtte, daß

die lauten Stimmen des Beifalls oder Diffallens, welche die Mitglieder bei ihrem Ginund Austritt entpfingen, einen machtigen Gebel bildeten und daß demagogifche Boltsredner und puritanische Beloten fich dieser wilden Maffe bedienten, um ihre Antrage und Borhaben durchzusegen. Ohne diefen popularen Terrorismus, der den Magistrat und Bemeinderath von London mit den parlamentarifden Borfectern in gleicher Richtung, auf gleicher Bahn bielt, mare ber Berfaffungstampf im zweiten Rriegsjahre ju Gunften bes Ronigthums enticieden worden. Rur durch ben moralifchen Beiftand ber Londoner Burgerfchaft erlangte die Stadt Glocefter den Muth und die Entschloffenheit, dem tonig. Sept. 1648. lichen Belagerungsheer zu widerstehen, und daß in der Schlacht bei Rewbury der kriegerifche Ungeftum der Auprechtschen Reiterschwadronen nicht die ganze Parlamentsarmee gerfprengte und Effer und Stippon von der Sauptftadt abidnitt, mar nur dem Londonct Fusvolt zu verdanten, das wie ein Ball von Lanzen dem feindlichen Anprall entgegenftarrte. In diefem Treffen verlor ber Ronig ben Lord Falkland, einen feiner beften Männer, den alle Parteien ehrten. Am Ende des Jahres 1643 mar der Ausgang des Bartei- und Burgerfrieges mehr als je unficher und zweifelhaft. Satte im Rorden Die

ropalistifche, im Guden die puritanifche Faction die Oberhand, fo hielten fich in den

meisten Graffchaften ber Mitte beide Barteien bas Gleichgewicht.

Die fcots

In diesem fritischen Augenblid bing die Butunft Englands wesentlich von tifce Union der Haltung Schottlands ab. Wir wiffen, durch welche Concessionen Rarl das nördliche Ronigreich auf feine Seite zu bringen gefucht: er hatte ben Schotten dreijährige Parlamente zugefichert und fie ermächtigt, auch ohne tonigliche Ginberufung eine außerorbentliche Standeversammlung, "Convention" genannt, abzuhalten; er hatte ber presbyterianischen General-Affembly die hochfte Gewalt in firchlichen Dingen eingeräumt und in die Abichaffung bes Pralatenthums gewilligt; er hatte in ben Beheimen Rath mehrere Glieber aus bem Covenantischen Abel aufgenommen. Es gelang ibm auch wirklich unter ben schottischen Magnaten eine Partei zu gewinnen: viele gelobten, in Sachen ber weltlichen Autoritat für ihn ju leben und ju fterben. Darüber geriethen die ftrengen Covenanters in Unruhe: fie fürchteten, ber Ronig werbe, sobalb er wieber gur Gewalt tomme, alle Bugestandniffe rudgangig machen; fie faben ihre religiofe Freiheit nur ficher gestellt, wenn auch in England die bischöfliche Berfaffung mit ber Burgel ausgerottet und in beiden Reichen die firchliche Uniformitat "nach bem Borte Gottes und nach bem Beisviel ber besten reformirten Rirchen" auf. gerichtet wurde. Alle Borgange in England wirtten auf Schottland gurud: Baren die Royalisten im Bortheil, so erhoben auch die Samiltons, die Montrose u. a. die Fahne der toniglichen Loyalitat bober; ftanden die Sachen des Barlamente gunftiger, fo muche ben Covenantere ber Muth. Batte fich bie englische Bewegungspartei entichließen tonnen, die presbyterianische Rirchenform für Eng. land zu adoptiren, fo murbe ber "Bund und Covenant" zwischen beiden Rationen raich ins Leben getreten fein; allein nicht alle Mitglieder bes Barlaments maren

für die presbyterianische Uniformität; gar Manche fürchteten, die schottische Beiftlichkeit möchte die Oberhand, eine fciederichterliche Autorität gewinnen. Erft als ber Royalismus einen neuen Aufschwung zu nehmen brobte, erkannte man in London die Rothwendigkeit, mit den Schotten wieder Sand in Sand zu geben. Gine parlamentarische Deputation, an ihrer Spipe ber jungere Benry Bane, begab fich nach Sbinburg, um mit ber "freien Convention" ber schottischen Stande Unterhandlungen anzuknüpfen, mahrend eine Berfammlung von Beiftlichen und Beltlichen über bie firchliche Berfaffung und gottesbienftliche Form befchließen follte, welche an die Stelle der bischöflichen Ordnung zu treten hatte. Bei ber Gleichheit ber Intereffen tam es balb zu einer Bereinbarung: "Beibe Rationen follten gegen die papistische und pralatische Faction gemeinschaftlich zu den Baffen greifen und fie nicht niederlegen, bis diese Faction bezwungen und der Autorität des Parlaments in beiden Ländern unterworfen wäre". Die Bresbyterianer follten über die Grenze vorruden und mit Baffen und Gebet die Sache Jesu gegen den Antichrift vertheibigen : beide Reiche seien in gleicher Bejahr, Juda fonne nicht in Freiheit fortbesteben, wenn Israel in Gefangenschaft abgeführt würde. Die Schotten waren im Bortheil: nicht nur daß der Covenant, der bon dein Moderator Benderson in der Generalaffembly vorgetragen von den parlamentarischen Commiffarien beiber Bolter feierlich beschworen und in allen Rirchen verkundet ward, die presbyterianische Rirchenverfaffung und Cultusform auch der englischen Rirche aufprägte, also zu einer aggressiven Propaganda fich anschickte; bem schottischen Beer, bas fofort über bie Grenze einbrechen follte, wurden namhafte Ruftungegelber und Subfidien aus ben Ginfunften ber eng. lischen "Malignanten" ober "Delinquenten" zugesichert. Damit war ber Grund jur Bereinigung beider Reiche gelegt: Bas den Stuartichen Königen und ber bijdöflichen Hierarchie nicht gelungen war, bas festen jest Bym, Araple und die presbyterianischen Prediger burch.

Diefer Bund und Covenant mit Schottland war Pyms lettes Werk. Am 6. De. Pym's Tob. cember 1643 schied er aus dem Leben, ein Mann von ungemeinen agitatorischen 1643. Talenten, von großem Einstuß auf die Bolksmasse durch seine Beredsamkeit und sein entschiedenes Handeln, von wunderbarer Thätigkeit und Geschäftsgewandtheit, eben so geschiedt, "das Bestehende zu erschüttern und zu zerstören, wie das Berdende zusammenzuhalten". Obwohl dem presbyterianischen Kirchenthum zugethan, war er doch kein religiöser Eiserer und in seinem Lebenswandel gestattete er sich manche Abweichung von der puritanischen Sittenstrenge.

Durch die Berbindung der englischen und schottischen Presbyterianer anderte Das Barsammt bie Lage der Parteien. Die paar Regimenter irländischer Truppen, die Karl sespalten.
an sich zog, waren eine geringe Hulfsmannschaft gegenüber den schottischen Geeren,
mit denen Lesley über die Grenze einbrach, abgesehen davon daß die durch Religion und Abstammung verschiedenen Iren den angelsächsisch-protestantischen Einwohnern Englands in der Seele verhaßt waren und den Groll gegen die Royalisten

# 174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f.

noch mehrten. Run tam man in Orford auf andere Gebauten. Roch immer bielt bas Parlament in Weftminftet feine Gigungen im Ramen bes Ronigs: waren ja boch die beiden Saufer bon bemfelben regelmäßig einberufen und eröffnet und feit vier Sahren weber verlagt noch aufgelöft worben. Best befchloß Rarl, auch die gefetgebende Macht zu svalten, die Getrenen von den Ungehorfamen zu trennen. Die tumultuarifchen Scenen und terrotiftifchen Auftritte ber Londoner Bollemaffe, beren wir oben Erwähnung gethan, erweckten in Bielen die Ueberzeugung, bag die Berfamulungen in Beffininfter tein freies Barlament feien. Der Ronin forderte baber alle, welche entflohen ober verjagt waren oder an ben Berathungen teinen Antheil inehr nahmen, auf, fich zu ihm nach Orford zu begeben. In furgem fanden fich 83 Lords und 175 Gemeine

22. 3an in ber getreuen Universitätstadt ein, fo daß Rarl gegen Ende Sanuar ein Haus eröffnen konnte, bas bem in Bestminfter an Bahl überlegen war. Go gab es benn zwei gesetgebende Rörper; der Rönig erflärte die Londoner Bersammlung, bie mit ben Schotten einen Rriegsbund gefchloffen, für Landesverrather; biefe bezeichnete bie andere als eine papistisch-jefuttische Raction, welche die Berfaffung ju untergraben beabfichtige. Die Debrzahl ber Ration hielt zu bem Varlament in Weftminfter; die aus den Riederlanden entlehnte Lebensmittelfteuer (Accis), welche man bet toniglichen Regierung fo hartnactig bestritten, murbe als nothwendig gur Dedung ber Rriegetoften, ohne Murren entrichtet.

Die Solacht

Auch im Sommer 1644 brachte ber Rrieg feine Entscheidung, obwohl die bei Marston moor 1644. Truppen, mit denen Esset und Waller ins Feld zogen, den königlichen an Sahl weit überlegen maten; Rarl felbft entfaltete die größte Tapferteit; einft ging bas Berücht er fei in Rriegsgefangenschaft gerathen; er erwiederte, daß er lieber ben Tob fuchen wurde. Geine Gemablin barrte in Greter ihrer Entbindung, Pring Rubert war auf bem Sobebuntt feines Rriegsrubntes. Er eroberte Bolton, einen Sauptfit ber Puritaner und verhangte blutige Stichfgerichte nber die Gegner; er brachte Liverpool in seine Gewalt und behauptete in Bortsbire und Lancafbire bas Reld wider die vereinigte ichottisch-englische Armee. Es schien als ob die friegsgenbten maffenfroben Royalisten über die neugebildeten unerfahrenen Parlamentarier ben Sieg erringen wurden. Schon ließen bie blutigen Rachethaten, womlt die Cavaliere ihre Triumphe feierten, die Grauel ber Reaction ahnen, der

Da brachte bie Schlacht von Long 2. Juli 1844. fie bas Land zu unterwerfen nebachten. Marftonmoor, unweit Bort, welche Pring Rupert bon ungeftuniem Siegesdurft getrieben, gegen den Rath des Marquis von Rewcaftle dem parlamentarischen Beere lieferte, eine plogliche Benduttg in ben Gang bes Krieges. Auch in biefem Treffen wurde die englisch-schottische Armee unter Fairfax und Leslet auf dem rechfen Flügel und im Centrum durch die fuhnvordeingenden Reiterschwadronen ber Mondliften jurliegeworfen und in die Flucht gefchlagen; aber ber linte Flügel, auf Weldtein Dliber Cromwell mit feitten puritanischen "Eifenseiten" Stellung genommen hatte, leiftete entfchloffenen Biberftand und verwandelte folieglich die

Riederlage in einen vollständigen Sieg. Tausende von "Beiströcken" lagen neben ihren Gewehren auf dem Bassensch; benn Cronwell hatte verboten, Pardon zu geben. "Gott hat die Cavaliere sinken lassen wie Stoppeln unter der Schneide unserer Schwerter", meldete er in seinem Schlachtbericht. Die getreue Stadt Vork und mit ihr der ganze Rorden siel in die Hände der Parlamentarier. Der Marquis von Reweastle, der nicht als Besiegter vor das Antlis seines Königs treten wollte, suchte mit den Lords Falconberg und Widdrington eine Busluchts-stätte in Rorddeutschland; mit den Trünnnern des geschlagenen Heeres zog Prinz Rupert nach Lancashire. Bon der Beit an stand Cronwells Rame im Heere obenan, zumal da bald darauf Graf Essex in Cornwall durch den König selbst zu einer schinpssichen Capitulation gezwungen ward, die seinen Feldherruruf 1. Sept. schwer schädigte, und auch Manchester und Waller trop der überlegenen Streitmacht, die sie bei Rewbury dem königlichen Heere entgegenstellten, den Rückzug 9. Rov. Karls nach Orford nicht zu bindern vermochten.

### d. Der Puritanismus und bie religiofe Erregtheit ber Beit.

Die Schlacht von Marstonmoor führte nicht nur in dem Sange des Rriegs, Beligible Cpaltungen. fondern auch in der Entwidelung des Staats- und Rirchenwesens eine neue Seit ber Aufrichtung bes icottischen Bundniffes hatte bie Bendung berbei. presbyterianische Glaubens- und Rirchenform in England viele Anhanger gewonnen. Erop heftigen Biberfpruche von Seiten ber altenglifden Partei war die oberfte Leitung ber offentlichen Dinge, ber Rriegführung wie ber inneren Berwaltung einem Ausschuß übertragen worden, in welchem neben fleben Lords und vierzehn Gemeinen auch vier schottische Commiffare Sit und Stimme hatten. Diefer gemischte Regierungsausschuß befaß die bochfte Autorität und fein Ginfluß war ftart genug, bas presbyterianifche Rirchenthum gut Berrichaft zu fithren. Bir haben in fritheren Blatteen gefehen, wie wenig bei der englischen Reformation dem popularen Clemente, bem religiofen Betouftfein des Bolles Rechnung getragen ward. Sie war bas Bert ber Regierung und bes boberen Rierus und verbrangte nur bie romifch-tatholifche Gefeteetirche burch bie anglicanisch-tatholifche. Bei einem großen Theil ber Ration wurzelte daber die Anficht, daß die englische Reformation unvollendet fei, daß fowohl in ber Glanbenelehre ale in Cultus und Berfaffung eine Beiterführung noth thue, bas ben driftlichen Gemeinden eine autonome Gelbstbethatigung, eine Mitwirfung bei ben religiofen und firchlichen Angelegenheiten jugewiesen werben muffe. Diese Ansicht mar in ben Rreifen der Purttaner sehr verbreitet und faste mehr und mehr Boden. Ginmal in Flus geseht ging die religiöse Opposition gegen bas bestehende hierarchische Kirchenwesen immter weiter. Anfangs genugte ihr bie presbyterianische Rirchenform, bie nun unter dem Ginfluß bes Bunbniffes mit Schottland zur Cinfuhrung tam. Balb entwidelten fich aber aus bein Schoofe bes Puritanismus bas Independententhum

176 B. Das brit. Reich unter d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t.

und im weiteren Ringen ber Geifter eine große Bahl schwärmerisch ober fanatisch erreater Setten.

Die puritanifche gaction bes Unterhauses beschloß die anglicanische Cpiscopalfirche presbyteri vollends ju galle ju bringen, die alte Beit durch eine unüberfteigliche Kluft von der anifchen neuen zu trennen, ohne zu erwägen, daß dadurch das bereits fo fehr zusammengeschmolals Staats zene Oberhaus auf wenige Mitglieder vermindert werden wurde. Ihr puritanischer firche. Gifer verfcmahte jede weltliche Rudfict. Bie früher die hochtirchlichen Inftitutionen Englands der schottischen Rirche aufgedrängt wurden, fo follte jest die calvinistische Reformation des nördlichen Rachbarlandes bem Suden zugeführt werden. Eine von dem Parlamente nach Bestminfter berufene Berfammlung von Gottesgelehrten, welche die Stelle der schottischen General-Affembly einnehmen follte, tam nach langen erregten Berhandlungen zu dem Beschluß, daß anstatt des Common Praperboot und der anglicanifchen Liturgie eine ber presbyterianifchen nachgebilbete Cultusform, "Directory für den öffentlichen Gottesbienft" jur Anwendung tominen und das hierarchische Cpiscopalfoftem durch die presbyterianische Synodalverfaffung mit Laienalteften, und mit ben Confistorien, Collegien und Seffionen jur Sandhabung der Rirchenzucht und der Ordis nation erfest werden follte. Rad Gutheißung diefer neuen Glaubens- und Cultusform durch das Parlament wurden wie einft gur Beit ber icottifden Reformation Bilber, Ornamente, Orgeln u. begl. aus den Rirchen entfernt, die gemalten Fenfter eingeschlagen, Monumente, die als Trager des Aberglaubens und der Abgötterei gelten tonnten, niedergeriffen, Mantel, Rragen und Rappe ben Geiftlichen als Refte papiftifchen Aberglaubens unterfagt, die Feiertage aufgehoben. Die puritanifchen Geiftlichen, die einst von dem Erzbifchof Laud entsett worden maren, traten ihre Stellen wieder an und hielten durch lange Predigten den Fanatismus wach, indes die anglicanischen Kleriker, die der neuen Rirchenform nicht huldigen und dem geiftlichen Ornate nicht entfagen wollten, ihre Pfrunden verloren. Solche, die im Biberfpruch mit den parlamentaris fchen Befchluffen zu bem Ronig hielten, murden als "Delinquenten" mit Gelbftrafen belegt. Die fruher mißhandelten Puritaner fcmangen die Beißel der Berfolgung über die Raden ihrer ehemaligen Berfolger und wurden aus Bedrudten Bedruder. Erscheinungen blieben dieselben, aber die Spieler auf der Schaubuhne des Lebens hatten Laube bin ihre Rollen gewechseit. Unter ber Leitung von Prynne, ber einft von der hochfirchlichen richtung. Berfolgungsfucht fo schwer betroffen worden, wurde der Prozes des feit Jahren eingeterterten tranten Erzbifchofs Laud wieder vorgenommen und mit der gangen puritanis fchen Barte jum Biele geführt. Bie fruber Lord Strafford murbe auch fein geiftlicher 11. Nov. Gefährte durch eine Bill of Attainder bom Saufe ber Bemeinen verurtheilt und das Ertenntniß von dem Oberhause genehmigt. Eine Bestätigung des Ronigs wurde nicht für 3. 3an. 1645. nothwendig erachtet. Am 3. Januar des folgenden Jahres ftarb der einft fo machtige Brimas des englischen Rlerus auf dem Blutgerlifte. Sein Fall bezeichnete den Sieg des

2. Die Inbebenbenten

1. Ginfübe

Aber icon waren im heerlager ber Sieger felbft Spaltungen ausgebrochen, Die ober Cons immer tiefer in die tirchlichen Lebenbordnungen eingriffen. Gelbft die Presbyterianer tiona waren nicht alle mit dem "Directory" einverstanden. Die orthodoge Partei nahm Anstoß, (Graftianer). daß das Parlament eine den calviniftifchen Grundlehren widersprechende Autoritat über die Rirche ausübe, das die firchliche Autonomie mit ihren felbftandigen Organen und Inftitutionen unter die Sobeit des Staates gestellt fei ; fie wollte in der englischen Bresbyterialfirche nicht bas echte Abbild ber fcottifchen ertennen. Aber von weit großerer

fcottifcp-presbyterianischen Rirchenspftems. In Folge des "Directory" murde nunmehr das tirchliche England in Rreife, Rlaffen und Presbyterien eingetheilt und die ftrenge

Rirchenzucht nach den Borfdriften von Calvin und Anog durchgeführt.

Bichtigkeit mar das Auftreten der Independenten oder Congregationalisten, die, wie wir früher gefeben (XI. 575), das Pringip der religiofen Freiheit und Selbftbestimmung mit der höchften Volgerichtigkeit ausbildeten und der Presbyterialverfaffung mit ihren Glaubend- und Sittengerichten eben fo fcarf entgegentraten wie dem hierarchifch-bifcoflichen Organismus ber anglicanischen Rirche. Die Independenten, die megen ihres Enthufiasmus, ihres Gifers und ihrer Energie wie wegen ihres fittlichftrengen Banbels bei dem Parlamente, bei dem Beere, bei der Burgerichaft immer mehr an Ansehen gewannen, waren nicht gewillt, die schwer errungene Freiheit und Unabhangigkeit einem fremden Rixdenregimente unterzuordnen. Sie beschwerten fich voll Unmuth, daß der tirchliche Despotismus burch die neue Ordnung nur eine andere Form angenommen, bag nun flatt einiger wenigen Bifcofe eine Schaar presbyterianischer Beiftlichen und Rirdenalteften in den Synoden, Confistorien und Rirdensessionen eine neue Bwingberricaft übte. Sie wollten das Joch des Bralatenthums nicht barum zerbrochen haben, um fic bas Joch einer andern Uniformitat auflegen ju laffen; benn Bapftthum, Bralatismus und Bresbuterianerthum feien nur drei Formen einer und derfelben großen Apostafie. Sie verlangten, daß jede firchliche Gemeinschaft gefengebendes Recht über Glauben, Cultus und Disciplin habe, daß alle Rirchengemeinden, die fich durch das freiwillige Bufammentreten gleichgefinnter Glaubigen bildeten, gleichberechtigt feien und daß Ricmand gezwungen werde, fein Gewiffen unter eine allgemeine Borfdrift zu beugen, fondern daß Jedermann Gott nach eigenem Ernieffen dienen moge. Alle fleritalen Clemente fielen weg; wozu ein Rlerus, fragte man, der Herr tann ja jedem Glaubigen den beiligen Seift verleiben. Bahl der Prediger und Borfteber und Ausschließung ber Unwürdigen follten der Congregation felbft zufleben. Berfchiedenheit des Glaubens und bes Cultus muffe nach ihrer Lehre gestattet und Tolerang eine heilige Bflicht fein. Bie beim außeren Tempelbau verschiedene Berfleute erforderlich find, fagt Milton, die Ginen um Steine ju brechen, die Andern um den Marmor ju fchleifen, die Andern um die Cedern ju fallen, fo muffen auch beim innern Tempelbau verschiedene Setten, Barteien und Benoffenschaften befteben, um durch ihr Busammenwirten bas geiftige Tempelgebaude schöner und mannichfaltiger und doch harmonisch zu machen. In geiftlichen Dingen foll nicht 3mang, fondern bas Licht ber Bernunft enticheiben. Als die Bresbyterianer eine strenge Aufficht über die Breffe einführten, ichrieb Milton die feurige Alugichrift "Areopagitica", worin er die Freiheit der Rede als ein Recht des menschlichen Beiftes in Unfpruch nahm. "Bu einer Beit ba die Ration bom Schlafe ermachend ihre mit fimfonifder Rraft erfüllten Roden icuttelt, ruft er ihnen zu, tonnt ihr uns nicht wieder zu der alten Binfternis und Anechtichaft jurudführen, wenn ihr nicht juvor felbft wieder fo bespotifc, willfürlich und thrannisch werdet, wie diejenigen waren, von denen ihr uns erloset habt." Beiftige Freiheit sowohl auf bem Gebiete ber Religion als im Bereiche bes Gedantens und des geschriebenen und gesprochenen Borts war die machtige Losung ber Indepenbenten. Die Buriften und Bolititer, welche teine firchliche Autorität unabbangig bon der meltlichen Obrigfeit bulden wollten und bas gottliche Recht der Bresbyterialeinrichtung berwarfen, bielten au ber gabne der Independenten oder Congregationaliften, beren beredtefter und begeistertfter Stimmführer John Milton mar. Sie nahrten bas Feuer ihrer religiofer Begeisterung unmittelbar aus der beil. Schrift; die Gottestampfer des alten Bundes waren ihre Borbilder : wie jene glaubten fie unter der unmittelharen Leitung Jehopas zu fteben. Bie einft der furpfälzische Arzt und Theolog Thomas Graft (XI. 716) betampften fie den Rirchenbann als unbiblifc und thrannisch und betannten fich ju bem Grundfas, daß die Rirche dem Staate untergeordnet fein follte. Die Presbyterien mit den Mitteln der Rirchenzucht ausgeruftet, meinten fie, möchten gu einer

12

# 178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e Republit.

Sierardie abnlich ber romifden beranwachfen und eine Gewiffensbeberrichung wie bie fpanifche Inquifition berbeiführen.

3. Seften Bald faben fich indeffen auch die Independenten überflügelt von radicalen, fcmarund fpiri= tugliftifde merifch erregten gactionen, welche auf die Anfange und primitiven Buftande ber drift-Edwarmer. lichen Gefellschaft zurudgebend auf Grund biblifder Aussprüche Freihelt, Gleichheit und Menfchenrechte jur Bafis ihrer religios-politifchen Unfichten und Tendengen machten.

"Bas uns im beutschen Reformationszeitalter von den Gefichten der Caufer, von den feligen und verzudten Brubern berichtet wird", heißt es bei Beingarten, "wiederholt fich jest in England in weiten Rreifen. Der Grund bagu liegt einerfeits in dem ftreng reformirten Bradestinationedogma, das den Buritanismus beherrichte. Ringen, der Ermahlung und des Gnadenftandes gewiß ju merben, mußte folche Erfceinungen mit innerer Rothwendigfeit in einer Beit hervorrufen, in ber eine vielhunbertjährige Ordnung bes ftaatlichen und firchlichen Lebens unter fcweren Semiffenstampfen in Studen ging. Andererfeits fpiegelt fich in diefen Bifionen und Stimmen bas duntle Gefühl von großen Aufgaben einer welthiftorifchen Beit wieder, beren ungeftumes Drangen theils nach radicaler Reugeftaltung aller Berhaltniffe, theils nach Erfüllung aller taufendjahrigen Beiffagungen von der Erfcheinung des Reiches Chrifti diefe Manner der enthuftaftifchen Myftit über fich felbft binaus, in ein Reich der Ideale erhob, in eine andere und neue Belt, mit der fie, bevor fie Birflichteit geworben mar,

nur durch Gefichte der Ahnung und Soffnung vertebren fonnten." Anabaptiften So gingen in diefer religios erregten Beit aus bem Schoofe bes Buritanismus und bes u. "Dellige". Independententhums viele Schwarmer und "Propheten" hervor, um die fich bald großere, balb fleinere Congregationen von "Beiligen" fcaarten, benen fie ihre Glaubenslehren und Ausspruche

als Offenbarungen Gottes, als höhere Inspirationen tund gaben: "Go fpricht der Berr durch mich" ober: "Ich habe Euch ein Bort vom herrn ju fagen". Die meiften bekannten fich ju ben anabaptiftifden Lehrmeinungen. Bie in ber Reformationszeit in Deutschland und in ber Schweiz traten schwärmerische und fanatische Laienprediger als solche "himmlische Propheten" auf und sammelten Sectengemeinden um fich, baufig von Stadt ju Stadt, von Graffchaft ju

Levellers, Graffcaft mandernd. Sie fanden besonders viele Anhänger bei den radicalen Independenten fünften in der Armee, die wir bald unter dem Ramen "Levellers" tennen lernen werden. Auch bie Monarchie. "Manner ber fünften Monarchie" gingen von ben Levellers aus. Diefe behaupteten, bas fünfte Danielsche Reich ber taufendjährigen Berrschaft ber Beiligen auf Erben habe nun begonnen und fie feien biefe Beiligen. Bu den anabaptiftifchen Setten gohlte man bie Unti-

Antino nomiften und Berfectioniften, die ba lehrten, feit bem Opfertobe Chrifti gebe es feine Berfectio- Sunde mehr in der Rirche Gottes und feinen Beiligen, für fie habe baber bas Gefes feine weitere niften. Geltung; wer das laugne, raube bem Deiland die volle Birtung feines Blutes. Auch der Chiliaften. Chilias mus, ber Glaube an die nabe Biederfunft Chrifti und bas damit beginnende taufende

Evenard beschäftigt, ben wüsten Grund bei Cobham umzubrechen und zu bepflanzen; es fei eine göttliche Beisung an sie ergangen, das Feld zu bebauen, weil die Beit gekommen sei, daß bas Bolt Gottes erlofet werde. Sie wollten von dem Ertrag ihrer Arbeit leben, die hungrigen damit fpeifen und wie ihre Bater "die Juden", in Belten wohnen. Dit Bermunderung faben bie Nabler. Burger bon Briftol ben neuen Reffias Sames Ragler, einen religiofen Enthufiaften, ber

jährige Reich, hatte viele Betenner. Einst bemerkte man breißig Leute mit bem "Bropheten"

einft in Cromwells Reiterregiment gebient, im ftromenden Regen an ber Spige einer Schaar Dofiannah fingender Manner und Frauen burch die Strafen ihrer Stadt gieben, bon feinem Gefolge als Friedensfürft und Ronig von Israel begrüßt. Bom Barlament wegen Blasphenie ju Pranger, Geißelung und Buchthaus verurtheilt blieb Raplers Rame nichts bestoweniger ein Bamiliften. Gegenstand ber Berehrung für alle "Deiligen". Die mpftifche Sette ber "Familiften" eine Abart

ber Anabaptiften, die im "Dienst der Liebe" ju Christus nach einem innerlichen Einswerben mit Sott an gelangen fuchten und eine fundlose Bolltommenbeit ber Gläubigen annahmen, lebte wieber auf; Die "Seelenschläfer" forfchten über ben Buftanb ber Geele nach dem Tobe bes Leibes Seelen bis jur Auferftehung, eine alte moftifche Borftellung vom "Seelenschlaf" und "Seelentob" er- fclafer. neuernd. Berwandt bamit waren die "Seefers" ober "Baiters", Ranner jener diliafti- Geefeet. fden Aichtung, \_deren Spiritualismus, ber Sacramente als bloger Schattenbilber ber mahrhaftigen Guter nicht mehr bedürftig, ber Erneuerung eines johanneischen Chriftenthums bes Logos und bes Paralleten als ber geiftigen Form bes Chriftenthums entgegenfah. "Diefes Suden und Morten ift die Grundbeftimmung ber Beifter jener Lage". Als Die in ben fpiritualiftifden Speculationen am weiteften Borgefdrittenen galten bie "Rantere", die fich befon- Rantere. bers mit ber Frage über ben Urfprung ber Gunbe im antinomistifchen Intereffe beschäftigt gu haben fceinen. "Unter ihnen mag fich ber Enthufiasmus nicht felten zu einer gottlichen Truntenbeit gesteigert haben, welche nur in elftatischen garmen ihren Ausbruck finden konnte und wohl die Grenze berührte, wo ber beilige Bahnfinn beginnt". - Auch ber Gebeimbund ber "Rofen- Rofentreuger", der fic in übernatürliches Wiffen versentte, durch magische, alchemistische und aftrologifche Runfte und Gebeimlebren bas Rathfel ber Welt ju ergrunben fuchte, fant in England Anhanger, wie man aus der fatirifden Berfpottung im "Oudibras" erfieht. Der Gis des myfteriofen Orbens war Raffel, das Grundbuch eine geheimnisvolle Schrift "fama fraternitatis bes löblichen Ordens bes Rosentreuges" aus bem 3. 1614, welche ben Burtembergischen Theologen 30h. Bal. Andred jum Berfaffer gehabt haben foll.

Mus folden Areisen religiöfer Schwarmer ging auch ein Mann hervor, ber bei Mit- und Bunyan Radwelt auf glanbige andachtvolle Gemuther einen gewaltigen Cindrud hervorgebracht hat: John Bungan, ber Cobn geringer Eltern aus Bedfordfbire. Ein armer Reffelfider, bem feine Frau als Mitgift nur zwei alte Bucher : "Der ehrlichen Leute Fußsteig jum himmel" und "Praftifde Anweisung gur Frommigfeit" in die Che mitbrachte, trat er nach einer in Safter und Sunde verlebten Jugend in Cromwell's Reiterschaar ein und fampfte in ben Reiben ber "beiligen" fur bie Sache bes Barlaments, jugleich eifrig in ber beil. Schrift foridenb. Die Rriegsfturme ber Beit erschienen ihm als die Frublingsfturme; wie biefe eine Erneuerung bes Raturlebens angeigen, fo jene eine Erneuerung ber Rirche, eine Berftorung bes Reiches bes Antidrifts. Bald wirkte er, unter die Sette der Anabaptisten aufgenommen, als herzerschütternber Boltsprediger. Rach ber Berftellung bes Ronigthums von ben Ronaliften und Dochfirchlichen verfolgt, ift er doch unter Roth und Gefahr bem religiofen Buge feines Bergens, in bem er ben Billen Gottes ertannte, treu geblieben. Bertleibet, im Aubrmannstittel, Die Beitiche in ber Band, hat er fich in die Berfammlungen ber Diffentere geftoblen. Ueber gwolf Jahre mußte er im Gefängniß fcmachten. In Diefer Beit fchrieb er "bes Bilgers Ballfahrt" (The pilgrims progress) ein allegorisches Erbauungsbuch, in einen Traum eingekleibet, worin ber Lebens- und Entwidelungsgang eines Chriftenmenfchen aus bem Dienfte ber Belt und ber Gunbe, burch das Thal der Lodesichatten und der Citelfeiten mit Gulfe eigener Sinnesanderung und gottlicher Snade jum Cinzug in die himmelsstadt geschildert wird, ein Buch, das an Birkfamkeit und Berbreitung mit ber "Rachfolge Chrifti" verglichen werden tann.

Aus bem Schoofe bes Independententhums ging auch die mertwürdige "Gefellichaft ber Qualer. Freunde", von bem Bolle "Duater" (Bitterer) genannt hervor, die bald eine bedeutende gefchichtliche Birtfamteit erlangen follte. Georg Fog, ber Gobn vermögender Burgerbleute von purt- for 1694. tanifder Frommigteit in Drabton, einem Stabtden ber Grafichaft Leicesterfhire, vertiefte fich, nachbem er einige Beit ein Lebergeschaft betrieben, in bas Lesen ber Beil. Schrift und trat als Banderprediger auf, an alle wahren Christen fich wendend, "die aus Gott geboren vom Lode jum Leben hindurchgedrungen". Eine große fraftige Gestalt mit langen auf die Schulter berabwallenden Daaren und gang in Beder geffeibet, jog er durch England, predigte auf ben Stragen und in ben baufern Bufe und Evangelium, flagte über die Sunden ber Chriften, über bie

180 B. Das brit. Reid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e Republit. Beiftlichen, "bie Bertaufer bes Borie" und verfundigte ein neues Gottebreich. Es ift ihm, als ob ein inneres Feuer in ihm aufgebe, er bat Gefichte und Offenbarungen, die er hober ftellte als bas gefchriebene Bort. Fox war nicht was man eine geniale Ratur nennt, urtheilt Beingarten ; man tann vielleicht taum Einen bichterifchen Bug in ihm nachweisen. "Seine Rebe mar abgeriffen, fast mubfam. Aber aus jedem feiner Borte fühlt man ein Berg, bas in ber Tiefe glubt und arbeitet, einen Billen, der unabläffig nur nach Einem ringt, volltommen und ein Rind bes Lichts zu werben. Und neben biesem Geuereifer ber Beiligung, ber, wo er in Wort ober That hervorbrach, auch die faltesten Bergen brennen machte, war es ber tiefe Ernft, die jeder Sefahr tragende Beharrlichfeit, Die Felfenfestigleit des Charafters, die Inbrunft feiner Gebete, benen man es anfühlte, daß er Gott naber ftebe, als andere, turg bie gange tiefe und echte Innerligfeit feines Befent, burch bie for feine Siege gewann." Oft gefcmabt und migbanbelt, oft verfolgt, mit Steinen geworfen, in Gefangenschaft gebracht, oft in Feld und Balb übernachtend, ohne Speise und Trant, hat er bennoch unerschütterlich und voll innerer Freudigkeit feine Miffion erfüllt, der Belt "das Licht Chrifti" berfundigt. Benn die "Rraft Gottes" ibn erfaßte, übertam ihn ein fo beftiges Bittern, daß alle feine Blieber wie gerriffen erfchienen, bas er zu Boden geworfen ward. Rach diefen frankhaften Budungen hat bas Bolt ibn und feine Freunde "Quater", Die Bitternden genannt. Als nach Auflosung bes "fleinen Barlaments" im 3. 1653 bie hoffnung der "beiligen" auf Berwirklichung ihrer fcmarmerischen Ideen in einem "Gottebreich" gerronnen war, wandten fich bie entschiebenften Glaubigen ber independentischen Congregationen ber Lehre vom inneren Lichte Chrifti, von ben neuen Offenbarungen burch bie Rraft des lebendigen Gottes gu. Und nun gewann die neue Religionsgenoffenichaft, die bisber hauptfächlich in ben nordlichen Lanbichaften, vorab in Rottingham, Bort, Berby, Leicefter Burgel gefaßt batte, rafc Anhanger in gang England. Die Grundfage, die Fog in einzelnen Ausfprüchen dargelegt, wurden ju einem Spftem ausgebilbet, ba und bort wurden Berfammlungsbaufer zu religiöfen "Meetinge" ober Anbachtbubungen errichtet. Balb waren bie Quater eine große Brüdergemeinde mit einer festen und wohlberechneten Organisation, mit einem lebhaften Miffiondeifer. Auch Frauen nahmen einen hervorragenden Antheil, wie benn Margaretha gell, bie Chefrau eines angefebenen Richters in Swarthmore, als bie "geiftliche Mutter" ber großen Familie ber Freunde angesehen warb. Aber mit biefer Ausbehnung, besonders feit ihrer Rieberlaffung in Bondon im 3. 1654 nahm bie Gette ber Freunde einen neuen Charafter an : durch die Befreundung mit Gir Benry Bane, mit Bradfham, mit Lilburn murbe fie in Die politische Bewegung hineingezogen, fle durchlebte eine "Sturm- und Drangperiode"; Fox felbft, der Friedensmann, trat in die aweite Linie; andere Manner von fanatischerem Geifte wurden die gubrer und Daupter ber Quafer und fuchten fie in die religios-revolutionare Opposition gegen den Protector ju reißen. Gie bilbeten den Rern ber anabaptiftischen Gelten, Die Cromwell's Regiment ju fturgen trachteten. - Dit ber Reftauration trat bie politifche Bebeutung aurud hinter die religiose; und nun erst begann die großartige Missionsthätigkeit in den americanischen Colonien und die Sorge für die leidende Menschheit, ber hochste Ruhm bes Quaterthums. For felbst hat in biefer Richtung durch Bort und That bis zu feinem Tode heilfam gewirkt. Bugleich murbe ihre Lehme miffenfchaftlich ausgebilbet burch Robert Barclay (+ 1690). Mehr Berth legend auf Die Bethätigung driftlicher Sitte im Leben als auf die firchlichen Beil-

und Lehrmittel glauben die Quater : "baß bas religiofe Bewußtfein unmittelbar vom göttlichen Beifte bewirft werde, daß Beber, der biefen ernftlich fuche, durch ftille Beschaulichteit und anbachtige Gintebr in fich ber gottlichen Offenbarung theilhaft werben und bas innere Bicht in fich entzunden tonne. Das innere Bort, wie fie dies Licht nennen, ftellen fie baber neben und jum Theil noch über bas außere ober bie Bibel". - Sie halten bie Sacramente nur fur Sinnbilder innerer Buftande, nicht mehr außerlich zu vollziehen, verwerfen bas Bredigtant fammt aller Theologie als Menschenwert und wollen nur eine Geiftfirche. Ihre religiofe Entfciebenheit verwirft Rriegsbienft, Gib, Behnten und bie Moben und höflichteiteformen ber gefelligen Belt. In England lange verfolgt, fanden fie endlich eine Freiftatte in Rordamerita, als Billiam Benn (+ 1718), Sohn bes Abmirals, bas Band am Delaware taufte und ben Staat Bennfplvanien, "bie Biege ber Freiheit fur die Reger und bie Belt", jur Galfte mit Anafertoloniften grundete. Inlest erwarben fie fich auch in England Dulbung.

Macaulay madt von ben Buritanern folgende etwas grell gefarbte Schilderung, Die jedoch Macaulay nur fur bie fortgeschritteneren Fractionen der Partei, fur die Schmarmer und Fanatiter ana- Puritaner. baptiftifcher Richtung als zutreffend gelten mag: Die Buritaner waren Menfchen, beren Geift durch die tagliche Betrachtung überirdifder Dinge und hoberer Intereffen einen gang befonderen Charafter angenommen hatte. Richt zufrieden, in allgemeinen Ausbrucken eine allbeherrschende Borfehung anzuerkennen, fcrieben fie durchgangig jedes Creignis bem Billen bes hochften Befens ju, fur beffen Dadt nichts ju groß, fur beffen Einblid nichts ju tlein ift. 3hn ju tennen, ibm gu bienen, in ibm fich ju freuen : bas mar fur fie ber große 3wed ihres Dafeins. Daber entsprang ihre Berachtung fur irdifche Unterfcheibungen. Der Unterfchied gwifchen ben größten und den verachtetften ber Menfchen fcbien gu verschwinden, wenn verglichen mit dem grenzenlofen Zwischenraume, ber bas gange Geschlecht von bem ichieb, auf ben ihre eigenen Augen beftandig gerichtet waren. Wenn fie unbefannt waren mit ben Berten ber Philosophen und Dichter, fo waren fle tief belefen in ben Orateln bes herrn. Wenn ihre Ramen nicht in alten Bappenbuchern gu finden maren : fie maren verzeichnet im Buche des Lebens. Baren ihre Schritte nicht begleitet bon einem glangenden Gefolge: Legionen bienender Engel hielten über ihnen Bache. 3hre Balafte maren Saufer nicht von Menschenhanben gebaut, ihre Diabeme Kronen bes Ruhms, ber niemals verblich. Auf ben Reichen und Beredten, auf Edle und Briefter fcauten fie mit Berachtung bernieber; benn fie achteten fich reich an einem toftbareren Schab, beredt in einer hobern Sprache, geabelt burch eine Ernennung von Ewigkeit ber, Briefter burch bie Bandanflegung eines Machtigern. Der Geringfte von ihnen mar ein Befen, beffen Geschied eine gebeimnisvolle, furchtbare Bichtigkeit batte, auf beffen leichtefte Sandlung bie Geifter bes Lichts und ber Finfterniß mit angftlicher Spannung ichauten, bas, ehe himmel und Erbe geicaffen maren, für eine Glüdfeligfeit bestimmt mar, bie himmel und Erbe überdauern follte. Um seinetwillen waren Reiche aufgetaucht und in Bluthe gestanden und gefallen. Für ihn hatte ber Allmachtige feinen Billen verfundet burch die geber bes Evangeliften und Die Barfe bes Propheten. Er war theuer erkauft, nicht durch einen gewöhnlichen Todesschweiß, nicht durch das Blut eines irdifden Opfers. Für ibn batte fich die Sonne verfinstert, waren die Relfen gerriffen. waren die Todten erftanden; für ihn hatte die gange Ratur geschaubert bei ben Todesschmerzen ihres Gottes. — Go war ber Puritaner aus zwei verschiebenen Menschen zusammengesett: ber eine gang Berknirschung, Buse, Dantbarteit, Dulben; ber andere ftolg, rubig, unbeugsam, fcarffictig. Er warf fich in den Staub bor feinem Schöpfer, aber et feste den guß auf ben Raden von Rönigen. In feiner gurudgezogenen Andacht betete er mit Convulfionen, mit Seufzen und Thranen. Er war halb mahnfinnig vor ben Bilbern ber Glorie ober bes Schredens. Er borte bie Pfalmen ber Engel ober bas versuchende Mluftern bes bofen Feindes. Aber nahm er feinen Sit im Rath oder gurtete er fein Schwert jum Rriege, fo hatte diefes fturmifche Arbeiten ber Seele feine bemertbaren Spuren in ihm gurudgelaffen. - Diefe Fanatiler brachten in ben burgerlichen und friegerischen Dienft eine Ralte des Urtheils und eine Unbeugsamteit des Entfoluffes, welche einige Schriftfteller mit ihrem religiofen Gifer nicht ju bereinigen wußten, welche aber in ber That beffen nothwendige Birtung war: die ftarte Richtung ihres Gefühls auf einen Gegenstand machte fie rubig gegen jeden andern.

## 182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t.

#### e. Rieberlage ber Royaliften. Der Ronig bei ben Schotten.

Die Breebys Die Bresbyterianer im Barlament und in dem ichottisch-englischen Beer terianer im Barlament geriethen in ftarte Aufregung über die junehmende Macht ber Congregationaliften, unterhande unter beren Fahne die große Menge der Separatisten fich reihte, die mit berlungen in uxbribge. schiedenen Ramen und wunderlichen Ansichten aus dem caotischen Buftande berportraten. Sie stellten Cromwell's Berbienfte in ber Schlacht von Marftonmoor in Abrede und als es den Schotten gelang, die ropalistisch gefinnte Stadt Rew-19. Dft. caftle trop ihres tapfern Biderftandes im Sturm gu erobern, suchten fie ben Eindrud diefes Sieges zur Durchführung ber neuen firchlichen und ftaatlichen Ordnung ju benuten. Roch einmal machten fie einen Berfuch, ben Ronig jur Rachgiebigkeit und Berfohnung zu bewegen. Satte er boch auch in Schottland fich bem Billen ber Ration gefügt. Schon fühlten die Bresbyterianer mehr Spinpathie mit den Royalisten als mit den Independenten. Denn diese ftrebten nach einem republitanischen Selbstregiment in Staat und Rirche; indek fie felbst die Krone auf ein geringes Das von Dacht berabseben, aber bas monarchische Princip bes Erbkönigthums aufrecht erhalten wollten. So murben benn abermals Berhandlungen amischen den königlichen Bevollmachtigten und den Commiffaren bes Parlaments in bem Stabtchen Urbridge eingeleitet. Allein wie follte eine Ausgleichung erzielt werden, da man über die zwei Fundamentalfate entaegengefetter Anficht mar ? Das Parlament bestand auf der Ginführung des presbyterianischen Rirchenspftenis sammt bem Covenant und auf ber Ernennung ber Befehlshaber über die Land- und Seemacht durch das Unterhaus; ber Ronig wollte weder in die Abschaffung des Spiscopats willigen noch das Recht bes Schwertes aus ber Sand geben. Ohne Die Bewalt über Die Rriegsmacht, meinte er, sei er nicht mehr Ronig, sonbern ber erfte Mann in einer Republid. Go ging 22. Bebr. benn die Berfammlung nach vierzehntägigen Unterhandlungen fruchtlos auseinander.

Die Inbepen-

Die Independenten mußten diese Borgange au ihrem Bortheil au tehren. Cromirelle Sie beschuldigten die schottisch-parlamentarische Bartei des Landesverrathe: ibr Bubrung und bie Celbft- Trachten fei nur darauf gerichtet, das ariftofratisch-presbyterianische Rirchenentsagunges atte. 1845. regiment auch in England zur Geltung zu bringen; um die Rechte und Freiheiten ber Nation fei es ihr wenig ju thun. Um biefen Breis wolle fie fich mit ben Royalisten vertragen, die Früchte der bisherigen Kanpfe aufs Spiel setzen; in bem Ereffen von Rembury habe Manchefter ben Ronig abfichtlich geschont; auch Effer habe sich unfähig und zweideutig benommen. Die Nation sei am Berbluten; werde die Armee nicht auf einen andern Fuß gesett, ber Rrieg nicht energischer betrieben, fo bleibe nichts übrig als ein ehrloser Friebe. Die Seele Diefer Agitation war Dliver Cromwell: mit flarem Blid und entschloffenem Sinn, augleich aber borfichtig und gurudhaltend ging er auf fein Biel los. Er machte fein Behl aus feiner republikanischen Anficht: es werbe eine Beit kommen, meinte er, ba es

weder Ronig noch Beers in England gebe; und zu seinen Rriegsgefährten foll er einst geaußert haben : "Treffe ich im Gefecht auf den Ronig, fo werde ich mein Bistol auf ihn abdruden wie auf jeden andern." Die Bresbyterianer und Schotten haften und fürchteten ihn; fie bezeichneten ihn als "Feuerbrand", welcher die Entzweiung zwischen beiden Saufern anfache; fie dachten wohl einmal baran, ihn als Berrather anzuklagen, daß er die Union mit Schottland aufzulösen, bas Baus ber Lords ju fprengen beabfichtige; fie magten es jedoch nicht. Er feinerseits schleuberte den Borwurf des Berraths auf Manchester. Und um die Lords von der Kriegsführung und Berwaltung wegzustoßen und zugleich dem Rohalismus und dem ariftofratifch-presbyterianischen Staatswesen einen vernichtenden Schlag zu verseten, brachten die Independenten die "Selbstentsagungsatte" vor das Saus der Gemeinen, fraft deren tein Mitglied des Parlaments eine Befehlshaberstelle oder ein Amt bekleiden durfe. Lange widersetten fich die Lords bein 15. Bebr. Borfchlag; aber es wurde geltend gemacht, daß die Doppelftellung in der Gefet. gebung und in der Armee ber militarischen Disciplin nachtheilig fei. Go murbe benn die Bill durchgeführt, worauf Effer, Manchester und andere parlamentarische Generale von dem Commando gurudtraten. Bugleich murde eine Reorganisation bes Seeres vorgenommen, wobei Cromwells Regiment jum Mufter biente; benn es mar munderbar ju feben, fagt Milton, wie die unnachfichtige Strenge, ber Bauber einer freien religiösen Genoffenschaft die tüchtigsten und tapferften Leute unter seine Fahne trieb, als in das beste Symnasium nicht nur der Rriegstunft, sondern bes Glaubens und ber Frommigteit. An die Spige bes Gesammtheeres trat ber "Lord-General" Thomas Fairfag, ein Felbhauptmann bon ftattlicher Ericeinung und exprobter Tapferteit, ber fich neben Cromwell bei Marftonmoor hervorgethan hatte und bei den Truppen in großen Ansehen ftand. Der nächste im Rang war der Generalmajor Stippon. Im April wurde ber Selbstverläugnungsatte die weitere Bestimmung beigefügt, daß der Eintritt in die Armee nicht gur Unnahme des Covenants und des presbyterianischen Rirchenregiments berpflichte.

Die Entzweiung im gegnerischen Seerlager erfüllte den Ronig mit neuen Safeth, Die Hoffnungen: er war froh, daß die unfruchtbaren und widerwartigen Berhand. Bafet im lungen zu Ugbridge abgebrochen maren. Im ftolgen Bewußtsein, "daß er für das Riebergang Recht von Gottes Gnaden, für die altherkömmliche perfonliche königliche Autorität einstehe", verabscheute er ben Gebanken, daß er dieses geheiligte Berrscheramt fernerhin in verminderter Machtfülle verwalten folle. Die Puritaner waren ihm im Grunde der Seele verhaßt; ihre Absicht sei, schrieb er einst an die Rönigin henriette Marie, \_einmal der Krone ihre firchliche Gewalt zu entreißen und fie in die Sande bes Parlaments zu legen und sodann die Lehre einzuführen, daß die bochfte Gewalt im Bolte rube, ber Fürft von beinselben gur Rechenschaft gezogen und gestraft werden tonne, der Biderftand gegen ihn eine erlaubte Sache fei." Bon ber neuen Formirung bes parlamentarischen Beeres, wodurch die

popularen Clemente mehr als anvor in bie Bobe tamen, erwartete Rarl eine für ihn bortheilhafte Benbung : in den teltischen Bolteelementen ber britifden Ration, in ben ichottischen Bochlanden, in Irland, in Cornwallis und Bales batte er Rai 1645. einen festen Salt; die Eroberung der Stadt Leicester erzeugte unter den Ropaliften neues Selbstbertrauen; Bergog Rarl von Lothringen bersprach ber Ronigin ein Silfsbeer an ber englischen Rufte landen ju laffen. In ben Grampianbergen hatte ber ritterliche Graf Montrofe bas tonigliche Banner aufgepflanzt und fturzte mit feinen Bochlandern gleich einem angeschwollenen Balbstrom auf die Cobenanters herab. Aber wie balb follten diefe Mufionen gerrinnen! Die königlichen Eruppen, in einzelne tleine Abtheilungen gerriffen, waren ohne Mannszucht und ergaben fich einem ausschweifenden Leben voll Raubsucht und wilder Excesse, ihr folbatisches Tagwert mit Trintgelagen und Spiel unterbrechend, indeß bie Buritaner feit ber neuen Seerformation fich burch feste Saltung und energische Entschloffenheit wie burch Disciplin, Gottesfurcht und religiofe Anbacht hervorthaten. Immer größer murbe bas Anseben Cromwells. Er mar ber Saupt. urheber ber Gelbstentsagungsafte im Unterhause gewesen. Run begab er fich ju bem Beer, um fein Commando in Fairfag' Sande niebergulegen. Es traf fich, bas gerabe die Royalisten und die Parlamentarier in neue Rampfe verwickelt waren; Cromwell leistete willig noch feine Reiterdienste und errang einige Bortheile über bie Cavaliere. Da ertlarte Fairfax, ber bas ftrategifche Gefchiet bes Baffengefährten längst erkannt hatte und feine Stimme im Rriegerath nicht gerne niffen wollte, Cromwell fei beim Beere unentbehrlich ; nur Er tonne bie Reiterei führen; benn wo er mit feiner gottfeligen Schaar im Ramen bes Berrn tampfte, ba war ftete ber Gieg. Das Unterhaus willigte ein, daß er noch auf einige Beit bei ber Armee bleibe. Balb nachber ereignete fich bie Schlacht bei Rafebu in ber 14. Juni Rabe von Rorthampton. Fairfag und Stippon befehligten die Bataillone Des Centrums, wahrend Cromwell ben linten Flügel und ber muthige Breton, ben er im nachften Sahr ju feinem Schwiegersohn erfor, ben rechten anfilhrte. Der König selbst entfaltete einen schwungvollen Muth und sein Reffe Rupert ftritt mit ber gewohnten Capferleit; von bem Feuergewehr wurde wenig Gebrauch gemacht; man tampfte Mann gegen Mann ju Rop wie ju Suß; Cromwell felbst focht mit Lebensgefahr im bichten Sandgemenge. Lange schwankte der Sieg; mehr als einmal waren die Royalisten im Bortheil. Endlich trug die Energie ber finfterblidenden tobesmuthigen "Gifenfeiten", welche Cromwell aus ben Freeholders ber Grafichaften gebildet hatte, und die mit bem Schlachtruf anfturmten: "ber Ber Bebaoth ift mit und!" ben Sieg babon. Das tonigliche heer erlitt eine vollständige Riederlage: 5000 Royalisten bedien das Schlachtfeld, 140 Fahnen fielen in die Sande ber Sieger, Die zersprengten Erummer retteten fich durch fluchtahnlichen Rudzug nach Leicester. Bon ba fehrte Rarl nach Oxford jurud; aber ber Schreden feiner Baffen war verfcwunden. "Das ift bie Sand Gottes", berichtete Cromwell über ben Sieg bei Rafeby; "ihm allein gehührt bie

Chre. Die Bente, die ihr Schismatiler, Seetirer und Anabaptiffen icheltet, haben ench in diesem Rampf treu und ehrlich gebient." Einige Bochen nachher fab fich Bring Rupert genothigt, die Stadt Briftol, Die feste Burg der toniglichen Bartei, 10: Sept. ben Puritanern zu übergeben, wodurch ber gange Beften in die Gewalt ber Barlamentarier tam. Und fast um biefelbe Beit wurde Montrofe, nachdem er mehrere Ereffen gewonnen und fich ber Stadte Chinburg und Glasgow bemach. tigt hafte, bei Bhiliphaugh bon ben Covenanters übermunden und in die Berge ber Sociante getrieben, von wo er fich nach bein Continent einschiffte, und ber Ronig felbft, ber die Abficht hatte, fich mit bem ritterlichen Grafen in Schottland ju bereinigen, murbe durch den puritanischen Feldheren Boing bei Chefter geichlagen und genothigt in dem festen Remart Buflucht zu fuchen.

Der Fall von Briftol erfüllte den Ronig mit Schmerz und Unmuth. Gin finsterer Bring Rupert in Argwohn burchzog feine Seele, fein Reffe mochte fich ber Gegenpartei zugewendet haben, ungnabe. er möchte von Rathgebern "angefaulten herzens" versucht worden sein. Rarl hatte den Rath besfelben, fich mit dem Parlament ju vergleichen und Giniges aufzugeben, um nicht Alles ju verlieren, entschieden bon fich gewiesen; benn er war eine bon den Raturen, "die durch Biderwartigfeiten nicht gebeugt, sondern geftählt werden". In diesem Berbacht und Merger murbe er beftartt burch Lord Digby, ber bamals bie erfte Stimme im toniglichen Rath hatte und mit bem Pringen verfeindet mar. Und fo erlebte Ruprecht die tiefe Rrantung, daß er durch ein tonigliches Schreiben, welches bon feinem Tobfeinde gegengezeichnet war, feiner militärischen Burbe und aller feiner Aemter verluftig erklart und angewiesen ward, seinen Unterhalt fortan auf dem Continent ju Bugleich murde fein Freund und Gefinnungsgenoffe Billiam Legge feines Commando's in Oxford entfest. Ergrimmt über ben Undant des Oheims begab fich Rupert nach Rewart, um fich zu rechtfertigen. Er wurde von dem Rriegsgericht, vor bas er feinem Berlangen gemäß geftellt marb, von ben Befdulbigungen freigefprochen und gab dem Ronig in einer perfonlichen Busammentunft feinen Unwillen in unehrerbietiger Beife fund. Die Sauptleute und Offiziere maren auf feiner Seite. Erft die Brrungen, die bald nachher bas gesammte royaliftifche Beerlager ergriffen, führten wieder ju einer Ausfohnung zwifden bem Ronig und feinem Reffen.

Die Borgange im Feld erhoben in demfelben Daß das Gelbftgefühl der Buris Die Inberens taner, wie fie den Muth der Royalisten beugten. Mehr und mehr trugen nun ber Ronig. die Independenten ihre Grundfate bon Gelbstregiment und republicanischer Autonomie bon ber Rirche auf ben Staat über und befampften bas Ronigthum von Gottes Gnaden mit derfelben Entschiedenheit wie die bischöfliche Sierarchie und bas ariftofratische Presbyterial- und Synodalfystem. Die Boltssouveranetat und das gottliche Recht der Krone konnten nicht aufammen besteben, bewies Milton; wenn die höchfte Gewalt einem Gingigen übertragen werde, fo geschehe dies um der Ordnung willen durch Bertrag, die Bobeit der aus freigebornen nach bem Cbenbilbe Gottes geschaffenen Menschen bestehenden Ration und die Allmacht ber Gefete konne baburch nicht geandert werden. Bon einer abnlichen Grundanichaimung ging Genen Bane aus, wenn er zu beweifen fuchte, daß das Bolt, nachdem es den Ronig, der feine Gewalt migbraucht, im Rampfe über-

wunden, nicht genothigt fei zu der alten Regierungsform gurudgutebren, bag es vielmehr auf Grund seiner angebornen Freiheit berechtigt sei fich eine neue Obrigteit zu ichaffen, "nach ber Ibee ber Gerechtigfeit, die bem Menschen ursprünglich eingepflanzt und mit feinem Befen verwoben fei". Dit biefen faaterechtlichen Theorien wurden hiftorische Beweisgrunde verbunden: Rarl I. sei ein Rachfolger Bilhelms bes Eroberers, ber einft feine Rriegsoberften zu Lords, feine Sauptleute zu Rittern gemacht habe; Ronigthum und Abel seien somit burch bas Schwert gegründet worden und konnten wieder auf dieselbe Beise durch die Abtominlinge ber angelfächfischen Bevölkerung, die man bamals gewaltfam unterbruckt habe, umgeftogen, bas alte Recht und die alte Bollsfreiheit bergeftellt werben. - Diefe antimonarchischen Ibeen ber Buritaner erhielten burch einen besondern Umftand neue Rahrung: In ber Schlacht von Rafeby waren bie Brieffchaften bes Ronigs in die Bande ber Sieger gefallen und von dem Parlamente burch ben Drud veröffentlicht und erlautert worden. Es waren Schreiben an feine Gemablin, an seine Bertrauten, an die Fürsten bes Auslandes, aus denen berborging, daß er an seinen absolutistischen und hochtirchlichen Ansichten nach wie vor festhielt, daß er nicht gesonnen sei in irgend einer ber entscheibenden Fragen nachzugeben, bas er ben Bapiften Dulbung, ben morbbeflecten Brlandern Straflofigfeit zu bewilligen gebente und babei auf die Bulfe ber tatholischen Machte bes Festlandes rechne. Die Befanntmachung Diefer Schriftstude, Die ein fo grelles Licht auf ben eigenfinnigen, zweibeutigen, unzuverläffigen Charafter bes Stuart warfen, brachte ibn um den letten Rest von Ansehen. Man erfuhr zugleich, bag ber Ronig durch den tatholischen Lord Herbert (Carl of Glamorgan) mit den Irlandern in geheime Unterhandlung getreten sei und fie burch große Busagen zu einem neuen Aufftande aufzureizen suche; baber ließ das Parlament das Gebot ausgeben, bag in Butunft teinem gefangenen Irlander bes toniglichen Beeres Pardon gegeben werbe. wurden zu Bunderten auf grauelhafte Beise erschoffen und alle Ropaliften und "Delinquenten" an Sab und But gestraft. Bon der Spige von Cornwallis'bis jum ichottischen Sochlande muthete ein blutiger Religione- und Burgerfrieg : in ben einzelnen Graffchaften bilbeten fich militarifche Bereine zur Gelbftvertheibis gung, bereit als "Clubmen" mit ber Reule Gewaltthätigkeiten abzuwehren. Aber . bie Energie ber Fanatifer und Republifaner trug den Sieg babon. Die lette ansehnliche Reiterschaar, die in Cornwallis unter General Sopton noch vereinigt

14. Mars war, streckte die Wassen; der Prinz von Wales slüchtete sich auf die Scillhinseln; unfange als auch noch Exeter dem parlamentarischen Heere die Thore öffnete, war die April. rohalistische Ariegsmacht einer Selbstauflösung nahe. Nur noch Oxford hielt zu dem König; aber schon schickten sich Fairfax und Cronwell an, auch diese Stadt zu belagern und den verlassenen Monarchen in seiner letzten Zusluchtsstätte zu bekriegen.

Zweifel und Rathichlage.

In dieser schwierigen Lage wurden in der Umgebung des Königs verschiedene Plane ins Auge gefaßt. Roch hatten in der Hauptstadt und im Parlamente die

Bresbyterianer die Oberhand; bagegen maren bei bem Beere die Congregationaliften und Separatiften die herrschende Partei. Man überlegte nun, mit welcher bon beiben man am bortheilhaftesten Frieben und Bunbniß schließen möchte. Satten auch bie Independenten ihre antiropaliftischen Gefinnungen bisher offener an ben Tag gelegt, fo maren fie dagegen in religiofen Dingen toleranter und weitherziger; ber Ronig tonnte benten, wenn er ihnen Bewiffensfreiheit und firchliche Unabbangigfeit gemabre, bann murbe auch er in feiner religiöfen Ueberzeugung nicht von ihnen bedrangt werden. Andererseits tonnte er hoffen, bei den Presbyterianern fowohl im Parlamente als vor Allem bei ber Londoner Burgerichaft, welche bem Gebanten an eine Berftanbigung und an ein Bufammengeben mit dem Ronigthum noch nicht entfagt hatten, wenigstens die Form der königlichen Gewalt noch bestehen ließen, willigere Aufnahme zu finden, schon aus Furcht vor dem machsenden Ginfluß ber independentischen Ideen, nur batte er fich bann gu bem ihm fo verhaften presbyterianischen Rirchenspftem betennen, seiner ganzen bisherigen Anschauungsweise entsagen muffen. Roch schwantte er und seine Umgebung in ber Bahl, als burch ben frangofischen Gefandten Montereuil und einige fonigliche Rathe ihm ein britter Ausweg vorgeschlagen und empfohlen wurde, nämlich fich mit ben Schotten, die unter Lesley in Rewart ihr Lager hatten, ju berbinden. Es war tein Geheimniß, daß zwischen ben Cobenanters und ben Barlamentariern Gifersucht und Mißtrauen herrschte; daß man in London ben Berbacht begte, die Bundes- und Glaubensgenoffen möchten auf das englische Staats- und Rirchenwefen eine überwiegende Bewalt zu erlangen. juchen. Es wurden nun Berhandlungen amischen Orford und dem schottischen Sauptquartier angefnupft; gebeime Agenten und 3wischentrager gaben bem Konia die Busage, er wurde, wenn er fich in ihre Mitte begebe, weber in feiner toniglichen Ehre noch in feinen religiofen Anfichten bedrangt werden und für feine Berfon und fein Gefolge fichern Aufenthalt erlangen.

Rach einigem Bedenken gab Rarl bem letteren Borfclag feine Buftimmung Der Ronis und faste einen Entschluß fo verzweifelt und gewagt wie einft der Entschluß seiner Schotten. Großmutter Maria Stuart, bei Elifabeth Buflucht und Sulfe wider ihre emporten Landeleute zu suchen. Als Diener verkleibet, einen Mantelsack hinter bem Sattel entfloh Ronig Rarl I. in Begleitung feines Raplans Subfon und eines Bertrauten, 27. Apr. Afhburnham, aus Oxford in das Lager der Schotten, in der Hoffnung, bei dem Bolke, das seit Jahrhunderten mit den Stuarts in glücklichen und unglücklichen Tagen burche Leben gegangen, das geschwächte und verdunkelte Gefühl ber Anhanglichteit und Lopalitat wieder ju weden. Er follte aber bitter getäuscht werben. In den durch zelotische Geiftliche bestimmten und geleiteten Schotten war alle Bietät für die gefallene Größe, für die geheiligte Majestät erloschen. Schon auf dem Bege nach Rewcastle, seinem neuen Aufenthaltsorte, konnte er mahrnehmen, daß man ihn wie einen Gefangenen ansah. Aeußerlich ließ man es zwar nicht an der seinem Range gebührenden Chrerbietung fehlen, aber er wurde unter

strenger Aufsicht gehalten und in seinem ganzen Thun überwacht. Riemand durfte ibm naben ober mit ibm in Bertebr treten ohne besondere Erlaubnis bes ichottiichen Befehlshabers. Ueber neun Monate bauerte bes Ronigs Aufenthalt in Rewcaftle; und diese gange Beit war eine fortbauernde Reibe peinlicher und frankender Sandlungen und Eindrude. Die Baupter ber Schotten und ihre presbyterianischen Freunde in London wollten Die gludliche Benbung, Die ihnen bas Schidfal fo unerwartet bereitet, jum bollftanbigen Sieg ihrer Sache, jur ganglichen Bernichtung ber bischöflichen Sierarchie wie jur Rieberwerfung ihrer independentischen Gegner benuten. Deswegen tamen die Covenanters und ihre presbyterianischen Freunde in England überein, ben Ronig zu bewegen, daß er bem Episcopalfpstem für immer entjage, die presbyterianische Rirchenform, wie fie durch die Reformation in Schottland begründet, wie fle in England durch das Directory eingeführt worben, ale die mabre apostolische Glaubens- und Cultusform anerkenne und fich zu eigen mache und alle die Befchrantungen fich gefallen laffe, welche das Unterhaus früher von ihm verlangt hatte. Rur wenn er dem Covenant beitreten, die in Ugbridge gurudgewiesenen Borfchlage annehmen und in die Obergewalt der Bresbyterianer in Staat und Rirche willigen wurde, follte er in feiner toniglichen Burde und Chre erhalten bleiben.

Rarl und bie Covenan

Rarl felbft batte früher einmal die Möglichkeit eines Uebertritts in Aussicht ters. geftellt, war aber bavon bereits wieder abgetommen; bennoch entbot man jest ben Prediger Benderson, ber bem Ronig befannt und am wenigsten unangenehm war, nach Rewcaftle, daß er ben Monarchen in den Borzugen und bem gottlichen Rechte ber presbyterianischen Glaubensform unterweise. Allein Rarl, wenn er auch nicht die theologische Gelehrsamkeit feines Baters befag, mar in religiofen Fragen nicht unerfahren; er wußte seinen firchlichen Standpunkt mit rechtlichen und hiftorifchen Gründen zu vertheibigen. Bie febr bie Schotten ihn burch die Schilderung ber ihm drobenden Gefahren im Falle feines Biderftrebens gu Schreden suchten, er verweigerte sowohl die Unterzeichnung des Covenants als die unbedingte Buftimmung zu ben Forderungen, die ihm die Commiffare des Barlaments jur Unnahme vorlegten. Bie bedrangt auch feine Lage mar, nimmermehr tonnte er fich entschließen, ben religiöfen Unfichten zu entfagen, Die er bon Jugend an ale gottliche Bahrheit mit Berg und Mund befannt hatte, ober burch Annahme der parlamentarischen Propositionen, fraft deren er den Oberbefehl .über die Land- und Seemacht auf zwanzig Jahre aus der Hand geben und alle feine Anhanger, die im Felbe ober bei Berhandlungen fur die konigliche Sache geftritten, jeder Amnestie berauben und somit der Rache ihrer Gegner ausliefern follte, feine konigliche Chre und die Brarogative ber Rrone ju ichadigen und in Aeußere Gin- ben Augen ber Welt berabaufegen. Er mochte hoffen, bag man bon Frankreich aus, wo feine Gemablin nicht ohne Ginflug bei bof und Regierung mar, ibm gunftigere Bedingungen ermirten murbe ober bag bie Opposition ber Indepen-

benten, benen die Feftstellung der presbyterianischen Rirchenform ein Schredbilb

wirfungen.

und Aergernis war, seine ichottisch-parlamentarischen Biderfacher von ber Ausführung ihrer Drohungen abhalten wurde. Allein wie febr man in Baris einfab, daß die Borgange in England auf die monarchischen Doctrinen in Frankreich und gang Europa eine bedentliche Rudwirtung üben wurden; fo weit wollte doch Mazarin nicht geben, daß er fich darüber die Feindschaft der englischen Machthaber zugezogen ober die alte Berbindung mit Schottland aufs Spiel gefest batte. Er fuchte burch Belliebre, ben früheren Gefanbten am Conboner Hofe, ber als Bevollmächtigter nach Newcastle geschielt ward, bei ben schottischen Bortführern eine gunftigere Stimmung ju erweden und fie fur milbere Bebiugungen zu gewinnen. Bugleich fuchte man ben Konig nachgiebiger zu machen. Selbst feine Gemablin war ber Meinung, Rarl tonne auch ohne gum Bresbyterianismus übergutreten, in die Aufhebung ber episcopalen Berfaffung einwilligen. In ben Augen der Ratholiten batte die anglicanisch-bifcofliche Rirche feinen großen Borgug vor ben andern tegerischen Confessionen. Man gab ihm ju verfteben, daß wenn er um ben Breis der Aufopferung des Episcopats feine Gegner dabin brachte, ibm ben Oberbefehl über die Rriegsmacht zu laffen, er mit ber Beit alles Berlorne guruderobern, alle erzwungenen Reformen wieder rudgangig machen tonne. Selbft schottische Ropaliften, wie Samilton, waren für zeitweiliges Rachgeben.

Aber weber die casuistischen Rathschlage, die ihm von Frankreich zugeflüstert Des Königs wurden, noch die Borfchlage au ausgleichenden Bugeftandniffen, die ihm feine englifden und ichottischen Freunde empfahlen, waren vermögend, bas widerftrebende Gemuth des Ronigs zu beugen. Er tonnte nicht babin gebracht werben, feiner religiofen Uebergeugung au entfagen, feine Ariegsgewalt weggugeben, feine Freunde und Anhanger zu verleugnen und zu opfern. Er ging bis an die außerfte Grenze ber Radgiebigfeit : er wollte die militarifche Dobeit auf sehn Sabre in die Bande bes Barlaments legen, unter ber Bebingung, bas nach Ablauf biefer Beit es damit wieber fo gehalten werbe, wie zur Beit feines Baters und der Ronigin Elisabeth; er wollte geftatten, nachbem zwei angesehene Bischöfe ihm in Betreff feines Aronungseides beruhigende Berficherungen gegeben, bag ber Bresbyteria. nismus auf drei Sabre gur gesetlichen Landesfirche erhoben werde, wenn dann auf Grund weiterer Berathungen ber Gottesgelehrten burch ibn felbft in Berbindung mit ben beiden Saufern des Barlaments die firchlichen Angelegenheiten in definitiver Beise geregelt wurden. Aber auch ju diesem Compromis tonnte die Buftimmung der Begner nicht erlangt werden. Die Schotten waren ungufrieden, daß von dem Unichluß des Ronigs an den Covenant feine Rede mar und daß die bedingten Conceffionen die Butunft ber presbeterianischen Rirchenverfaffung nicht ficher ftellten. Sie zogen es vor, fich mit ber englischen Parlaments. regierung gu verftandigen, welche nicht nur die vollstandige Uniformitat beiber Laubestirchen anordnete, fonbern auch bie rudftanbigen Gelbfummen im Belauf

190 B. Das brit. Reich unter d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t.

von 400,000 Bfund, welche die Schotten au fordern hatten, au entrichten verfprach, wenn ber Ronig in ibre Banbe geliefert murbe.

Raris Aus lament.

Die Lage des Ronigs war unerträglich : Die Ronigin migbilligte Die Bugetieferung an bas Bar- ftandniffe in Betreff ber Seeresgewalt und sein hartnadiges Tefthalten an bem anglicanischen Episcopalfpftem; Die presbyterianischen Beiftlichen, beren lange Predigten er anboren mußte, wandten ihre bem alten Teftamente entnommenen Texte auf feine und feiner Borfahren Diffethaten an. Selbft bie Buborericaft fühlte Mitleid mit bem fo bart beschuldigten Ronig und sang einst ben bon ibm angestimmten Bfalm burch, ber mit ben Borten begann: "Sabe Mitleid Berr mit mir, benn die Menschen wollen mich verschlingen." Allerlei Plane wurden erwogen : follte Rarl bem Thron zu Gunften bes Prinzen von Bales entfagen? Aber bann ftand ju fürchten, daß die Republit fofort proclamirt werden murbe. Sollte er nach Irland ober in die schottischen Bochlande fich flüchten? Aber wie fonnte er ben Aufsehern entgeben, die ihn mit Argusaugen überwachten? Endlich Decbr. 1618. erfüllte fich bas Schickfal und die Schotten opferten ihren Ronig um ichnoben Sold. Als fich bas Barlament bereitwillig zeigte, bie hoben Rudftanbe, welche bas ichottische heer ansprach, in zwei Terminen abzutragen, wurde ber Ronig ben Commiffaren ausgeliefert, welche bas Unterhaus nach bem ichottischen Sauptquartier abgeordnet hatte. Mit der größten Chrerbietung fundigte Lord Bembrote, das Saupt der Deputation, bem Ronig an, daß das Barlament ibm feinen Aufenthalt in bem Landhaufe Solmby angewiesen und ben Lord beauftragt habe, Seine Sobeit babin ju begleiten. Als die ichottischen Seerführer jum Beichen ihrer Einwilligung verkundigt hatten, daß ihre Garnifon aus Rewcaftle abzieben und englische Truppen ihre Stelle einnehmen murben, murbe Rarl unter ftartem Bebr. Geleite und ftrenger Aufficht in turgen Tagereisen nach bem Orte feiner Beftimmung gebracht. Roch mar die Bahl feiner Anhanger fo groß, daß bas Bolf von allen Seiten herbeiftromte, um ibm feine Berehrung zu bezeigen, bis eine öffentliche Bekanntmachung ben Bulauf unterfagte.

#### 5. Karls I. Ausgang.

#### a. Armee und Parlament im Biberftreit.

Das feer

Mit bem Abgug ber Schotten aus England und ber Sicherstellung ber bert werben. Person des Ronigs war in den Augen des Parlaments der Bürgerkrieg beendigt und die Presbyterianer tonnten baran benten, ben Bunich ihres Bergens, ber bei ben Berhandlungen mit ben Schotten als geheime Triebtraft thatig war, in Ausführung zu bringen, nämlich die Beseitigung ber Independenten, die ihren Ruchalt in der Armee hatten. Wenn es gelang, den bestehenden Heerkorper aufzulofen, die einzelnen Abtheilungen zu verlegen, bas Einverftandniß zwischen Führern und Gemeinen zu brechen, fo tonnten die Presbyterianer hoffen, auch diefes widerstrebende Element zu unterwerfen und in England und Schottland

die Uniformität in Staat und Rirche nach ihren Doctrinen für alle Butunft fest au begrunden. Bu bem Ende suchten fie junachft bie Militarmacht zu trennen, indem fie etwa 12,000 Mann Fußvoll und Reiter nach Irland zu entfenden befchloffen, um bort bem toniglichen Statthalter Graf Ormond entgegenguwirfen und die Ratholiten und Ropaliften zu befämpfen. Die übrigen follten burch Berabschiedung und Reduction vermindert und nur fo viele unter den Baffen erhalten werben als zur Bewachung ber Festungen nothwendig fcienen. Bugleich follte die "Selbstentaußerungsafte" in ihrer gangen Folgerichtigfeit burchgeführt werden und alle Offiziere gehalten sein, bem Covenant beizutreten und fich ber burch bas Directory festgefesten Rirchenverfaffung zu conformiren. Die zu diefer Reorganisation und jur Auszahlung bes rudffanbigen Goldes nothigen Gelbfummen hoffte man bei dem Londoner Stadtmagiftrat, der auch die Ausgaben für die Schotten vorgestredt batte, durch eine neue Anleibe ju gewinnen.

Auf Diefe Beife wollte bas Barlament Die Militarmacht, Die es ben Sanden Die beergedes Konigs fo eifrig zu entwinden beinuht war, auch wirklich fich zu eigen machen. bie Barta-Aber da zeigte es fich balb, daß die Armee bereits der gesetgebenden Berfamm- fdiaffe. lung über ben Ropf gewachsen war, bag ber Impuls und die Gemeinschaft ber religiofen Ibeen Fuhrer und Gemeine ju einem organischen Rorper vereinigt hatte, ber getragen von einem lebhaften Gefühl von Selbständigkeit und Selbftvertrauen nicht mit ftummem Gehorfam ber militarifden Disciplin fich unterwarf, sondern nach 3wed und Biel forfchte; ja bag felbst bie Bauptleute und Offiziere weniger burch bie eherne Gewalt ber Rriegszucht als burch bie religiofe Uebereinstimmung über ihre Solbaten geboten. Der irlandifche Relbaug fand Biderfpruch: um die religiofe und politifche Freiheit ju erkampfen hatte man jum Schwert gegriffen, fich unter gemeinsamer Bahne geschaart; jest follte bas Beer über die irifche See geführt werden, ebe in der Beimath felbst bas Recht festgestellt worden. Gine Betition wurde im Ramen ber Armee an bas Unterhaus gerichtet, welche bas ftolze Bewußtsein einer geficherten Dachtstellung athmete. Man bestritt barin die Berpflichtung, außerhalb England Dienste zu thun; man verlangte ben rudftandigen Sold und Garantien fur die Butunft sowohl in Betreff ber Löhnung als ber perfonlichen Sicherheit. Das Parlament hoffte, indem es mittelft ber neuen Anleihe bie Geldforberungen befriedigte und ben bon ber Betition Burudtretenden Bergeihung verhieß, Die babei Beharrenden bagegen als Berrather zu behandeln drohte, ber Bewegung Meister zu werden und ben irischen Feldzug, ber unter Stuppon's Anführung bor fich geben follte, doch noch ju Stande gu bringen. Dan follte aber bald gewahr werben, bag ber Geift ber Insubordination bereits ben gangen Beerforper ergriffen, daß felbft in ben Reiben ber Gemeinen bas religiofe Intereffe in erfter Linie ftand und bie Fuhrer und Bauptleute nur dann auf unbedingten Gehorfam und willigen Kriegsbienst rechnen tonnten, wenn fie mit ihren Untergebenen die firchlichen Anfichten theilten. Es bildeten fich Bereine von Offizieren und Solbaten, welche die Bresbyterianer im

Parlament nicht als ihre gesehmäßige Obrigkeit, sondern als ihre Gegner und Biderfacher anfaben; eine Abreffe, die aus der Mitte diefer Bereine an die angesehenften Felbhauptleute Fairfag, Cromwell, Stippon gerichtet warb, sprach fich in feindseligem Tone gegen die Saupter ber presbuterianischen Partei im Barlamente aus: von untergeordneter Stellung au fouveraner Gewalt emporgeftiegen, fanden fie Befallen "Thranneien" auszuüben.

Das Barla ment will fich

Roch einmal tauchte nun in ben parlamentarischen Rreisen ber Plan auf, mit Karl eine Berftandigung mit dem Ronig berbeizuführen, um unter feiner Aegide ben perhaften Independenten energischer entgegenzutreten. Wenn fich Rarl bagu verkeben wurde, die unter bem großen Siegel vom Barlameute gemachten Aus. fertigungen anzuerkennen und damit den Mitgliedern Indemnität und perfonliche Sicherheit zu gewährleisten, so wollten fie fich mit ben Bugeftanbniffen, Die gu Rewcaftle den Commissaren gemacht worden, zufrieden geben und den König in feine Refideng gurudführen. Manchefter, Golland, Barwid, ber Bergog bon Northumberland, die Grafinnen Carliele und Devonshire wirften in diesem Sinn und wurden dabei von dem frangöfischen Gefandten Belliebre unterflütt. Bereits überlegte man, wie der Fürst am fichersten von Solmby nach Bhitehall gebracht werden möchte.

Das Beer

Mit diefem Plane ging ber andere über die Auflosung bes heeres Sand in Geborfam. Sand. Graf Barwid war mit großen Gelbsummen auf bem Bege nach bem Sauptquartier bes General Fairfag, um die Ginschiffung nach Irland und bie Berlegung der Garnisonen ins Wert zu fegen. Aber bereits war die ganze Beergemeinde, mehr als 12,000 Mann, meistens Independenten, übereingetom. men, den Befehlen des Parlaments fich nicht zu fügen. Sie feien nicht Miethlinge, sondern Burger, welche die Baffen jur Begrundung der Freiheit in ber Es war ein Beschluß ber Gesammtheit, bem fich Beimath ergriffen batten. Benerale, Sauptleute und Offigiere fugen mußten, wollten fie nicht der Führericaft verlustig geben. Saben wir darum gegen Ronigthum und hierarchie getampft, und unfer Leben für Freiheit und Gemiffen eingefest, fragten fie, um nun von den Presbyterianern Drud und Berfolgung ju erbulben, um die Schotten au Gebietern von England ju machen? Ber hat der Faction, die im Unterhause über eine fleine Mehrheit von Stimmen gebietet, bas Recht gegeben, Die Anders, gefinnten zu tyrannifiren? Um nicht sofort ben offenen Biderstand und die militarifche Unbotinagigfeit zu Tage treten zu laffen, bewirkten die Manner, welche die Faben der Bewegung in Sanden hatten, daß Fairfag und die audern Commandeure außer Stand gefet wurden, bem Befehle der Parlamenteregierung nachzukommen: die einzelnen Regimenter zogen unter Führern mittleren Ranges nach berichiedenen Standorten ab, fo daß der Oberfeldherr ohne Sauptquartier mar.

Gromwell im Roch immer war Cromwell Parlamenteglied und Rriegeoberfter. Ronig ent- Presbyterianer hatten Argwohn, daß er der eigentliche Urheber der Umtriebe führt. fei, und bachten an feine Berhaftung. Er entzog fich jedoch ihren Schlingen,

indem er fich rasch ins Lager begab, wo seine Agenten schon lange in seinem Interesse gewirft batten. Bald galt er bei den Soldaten mehr als Kairfax, ja biefer felbft, mehr Rriegsmann als Bolititer und von autmutbiger paffiver Ratur, tonnte fich feines Ginfluffes nicht erwehren. Richt lange nach Cromwells Antunft wurde ein Entichluß gefaßt und durchgeführt, welcher alle Blane ber Barlaments. partei vernichtete und das Uebergewicht an die Armee brachte. Rach feiner geheimen Beisung wurde burch ein von Sauptleuten und einigen Gemeinen gebilbetes Committee ber Cornet Jopce mit einigen Schwadronen Cromwellscher Reiter nach Holmby gefandt, um den König in das Lager zu entführen. Das Schloß 2. Juni wurde umftellt; Die Commiffare tounten nicht verhindern, daß der Oberft noch am spaten Abend dem gefangenen Konig, der bereits zu Bette gegangen mar, ankundigte, er sei beauftragt Seine Majestat zu dem Beere zu geleiten. Als Karl seine Legitimation seben wollte, wies der Oberft auf die im Schlothofe stehende Mannschaft. Die Bollmacht ift deutlich, erwiederte der Fürst lächelnd, und tann leicht verftanden werden. Er weigerte fich nicht am andern Morgen zu folgen; doch ließ er fich versprechen, daß er mit der seinem Range gebührenden Chre und Achtung behandelt werbe. So tam der König aus der Gewalt des Parlaments in die der Heergemeinde; er vertanschte den Aufenthalt von Holmby mit dem von Samptoncourt und hatte in Beziehung auf Behandlung den Taufch nicht zu beklagen. Die Presbyterianer erschraken, fie abneten, daß fie in Aurzem nicht mehr herren der Situation fein wurden.

Und nur zu bald follte diese Ahnung in Erfüllung geben. Das Beer, als Borberungen selbständige Macht constituirt, trat mit Forderungen hervor, die auf eine gangliche Schrache Galtung bes Umgestaltung ber bestehenden Berfaffung und Rechtsverhaltniffe binausliefen, Barlamente. Funf Regimenter zu Pferde überreichten bem Generalrath ein Schriftstud, worin es hieß: "Sintemal alle Gewalt ursprünglich und wesentlich in der Gesammtheit bes Bolles diefer Ration liegt, fo ift die freie Babl ihrer Reprafentanten und deren Uebereinstimmung die einzige Grundlage einer gerechten Regierung, der 3wed der Regierung aber das öffentliche Bohl." Demgemaß verlangten fie, daß das lange Barlament fich auflose und eine neue Boltsvertretung, durch allgemeine Abstimmung nach der Ropfzahl gewählt und alle zwei Jahre erneuert, die gesehgebende und vollziehende Gewalt übe, mit ben auswärtigen Staaten vertebre, über Rrieg und Frieden beschließe u. f. w. "Gerechte Autoritat tonne nur von Gott ausgeben, die oberfte Gewalt aber sei von Gott dem Bolle anvertraut, von diesem werde fie seinen Reprasentanten übertragen; die Autorität der Lords, die nicht vom Bolte ausgehe, habe teine Geltung." In diesem Sinne richtete die Armee eine Petition an das Parlament, worin nicht nur die Abstellung einer Reihe von Beschwerden begehrt ward, sondern auch bas Berlangen gestellt, daß elf Mitglieder, barunter Gollis und Billiam Baller, welche fich burch feinbfelige Gefinnung gegen die Armee bervorgethan, von den Sigungen ausgeschloffen und einer gerichtlichen Untersuchung unterworfen wurden. Roch hofften die beiben

## 194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e n. ale Republit.

Häuser der Bewegung Meister zu werden; der alte Ausschuß der Sicherheit wurde erneuert, die Londoner Miliz zum Bachedienst aufgeboten, ein früher gesaster Beschluß, wonach die Armee der Hauptstadt nicht über 25 Meilen nahe kommen sollte, in Erinnerung gebracht. Allein die Körperschaft war in sich selbst uneins, auch in ihrer Mitte befanden sich Unzusriedene und Independenten, die es mit der Heergemeinde hielten. Als die Teuppen unter Fairsax in langsamen Tagmärschen gegen die Stadt lostrücken, verlor die Bersammlung Muth und Selbstwertrauen. Sie suchte durch nachgiebiges Berhalten die erbitterte Stimmung der Armee zu beschwichtigen: die prodocirenden Beschlüsse wurden aufgehoben, den els Mitgliedern unter der Form eines Urlaubs auf sechs Monate das Parlament untersagt, der früher gebotene Anschluß an den Covenant zurückgenommen.

untersagt, der früher gebotene Anschluß an den Covenant zurückgenommen.

BollsaufKand in
Lommittee reizte die gegnerischen Factionen in der Hauptstadt, Royalisten wie Presbyterianer, zum Widerstand. Es bildete sich ein Berein von Bürgern, Lehrlingen, Miliz- und Seeleuten zu dem Zweck, die Rücklehr des Königs und die Aufrichtung des Friedens unter den in Reweastle gestellten Bedingungen zu erwirten. Run sah sich das Parlament zwischen zwei Feuer gestellt und mußte das volle Maß der Schmach über sich ergehen lassen. Die Londoner Bürgerschaft, durch zelotische Presbyterianerprediger in Aufregung gesetzt und durch die ausgescholssenen Parlamentsmitglieder zur Empörung ausgerusen, drang in tumultuarischen Hausen nach Westminster und erzwang mit Orohungen die Zurüdnahme der zu Gunsten der Independenten gesasten Beschlüsse. Die Austritte trugen einen völlig revolutionären Charakter: man sah Leute der unteren Bollstlassen, Handwerker und Gesellen aus den Werkstätten, den Hut auf dem Ropse

26. Juni in den Saal sich drängen. Selbst Mitglieder des Gemeinderaths nahmen Theil 1647. an der drohenden Manisestation. Acht Stunden wurden die Vertreter der englischen Ration auf ihren Sipen gehalten; erst als die verlangten Forderungen in aller Form genehmigt und eingetragen waren, dursten sie nach Hause geben.
Damit war das Anseben und die moralische Macht des langen Varlaments ge-

aller Form genehmigt und eingetragen waren, durften sie nach Hause gehen. Damit war das Ansehen und die moralische Macht des langen Parlaments gebrochen. Erbittert oder erschreckt flüchteten sich viele Mitglieder, Presbyterianer wie Independenten, die Sprecher beider Häufter an der Spipe, in das Hauptquartier, während die ausgeschlossenen Elf von der Londoner Bevölkerung im Triumphe nach dem Situngshaus zurückgeführt wurden.

Aun standen die zwei religiösen und politischen Parteien, die ehedem vereint tenberre in die nationale Sache gegen Königthum und Hierarchie vertheidigt hatten, in gesconden. schollen Reihen bewassnet einander gegenüber. Die Führer der Heergemeinde, Fairfax, Cromwell, Ireton, Fleetwood u. a. nahmen sich der Geslüchteten an und trasen Anstalten, sie auf ihre Sipe zurückzusühren; das Parlament, wo jeht die Versbuterianer das entschelende Wort hatten, rüstete sich in Verbindung

mit der Londoner Bürgerschaft zur Gegenwehr. Die Bälle und Mauern wurden in Stand gesetzt, die Miliz und die junge Mannschaft unter die Baffen gerufen,

jebe independentische oder fatholische Regung gewaltsam niebergehalten. Als aber bie Armee mit ben geffüchteten Bolfbreprasentanten, vierzehn Lorbs und eine hundert Gemeinen, auf der Baibe von Soundlow erschien und Fairfag ein Manifeft ansgehen ließ, bag bie Betrgemeinbe bem burd Bobelterrorismus begrunbeten Parteiregiment in Bestminfter ein Cabe machen und bas gesehmäßige freie Parlament in feine Burbe und Autorität berfiellen wolle, ba entfant ben Sonbonern ber Muth; fie wußten, wie fehr ber Stadtgemeinde jedes flare einträchtige Bollen, jebe energifche Entfoloffenbeit abging; nahm boch bie Bilig bon Southwart Partei für die Armee; wie kommten fie da erwarten, daß die Entscheidung ber Baffen an ihren Gunften ausfallen wurde! Gie zogen eine friedliche Ausgleichung bor. Fairfar felbit batte ja nur die Rudführung der gewaltsam ansgeschloffenen Barlamenteglieber als Broed bes Rriegsmaes bargeftellt; warum follten fie nicht biefe ohnebies ber Gerechtigkeit entsprechenbe Bebingung einem unfichern Rampfe borgieben? Demgemäß richteten Magiftrat und Stabtverorbnete an den Obergeneral Die Geflarung, daß fie ben flüchtigen Parlamentsmitgliedern und der fie geleitenden Ariegsmannschaft die Thore der Hamptfladt öffnen wurden, worauf Sairfag mit vier Regimentern und ber Leibwache in London 6. Aug. einrudte, die Parlamenterathe zu Bagen in ber Mitte bes Buges, die Solbaten mit Lorbeeraweigen an ben Guten. Dhne Widerftand fügte fich Stadt und Land ber gebieterischen Macht ber Inbevenbenten, Die jest im Bartamente wie im Beer die Oberhand batten.

#### b. Ronig Rarl I. und Dliver Cromwell.

Babrend biefer Borgange waren Aller Augen und Gebanten auf ben Ronig Stellung bei gerichtet. Obwohl ein gefangener Mann, war er nach ben überlieferten Borftels ben Bar lungen ber Ration immer noch eine Macht, die burch ihren Beitritt jeber Bartei das Uebergewicht an geben vermochte. Daher waren auch alle Factionen, Presbyterianer und Independenten, Royaliften und Schotten bemabt, ibn au einem friedlichen Uebereinkommen zu bewegen. Bie gerne hatten jest die englischen und ichottischen Bresboterianer auf Grund ber früheren Bropositionen fich mit bem König berftanbigt und ihn nach London gurudgebracht! Aber ber Stuart begte gegen bie Spftematiker ber Synoben eine tiefe Abneigung; er fühlte fich mehr gu ben Independenten hingezogen, die ihm nicht nur mit mehr Ehrerbietung und Rudficht begegneten, sondern auch in tirchlichen Dingen weitherziger und toleranter fich zeigten. Er burfte einige alte Diener, wie Bertelet und Afbburnbam um fich behalten, seine jungeren Rinder seben, ben Befuch von Freunden empfangen, fich auf die Jagd begeben; nur follte er fich nicht ohne Ersanbnis von Hamptoncourt entfernen; man gestattete ihm den anglicanischen Gottesbienst, es hieß, die Independenten seien der Berftellung der bischöflichen Berfaffung nicht enigegen, vorausgesett, daß aftgemeine Tolerang und Religionsfreiheit eingeführt,

Niemand in seinem Gewissen bedrängt wurde. Der König schien nicht abgeneigt, mit der Armee ein Abkommen zu treffen, wodurch er um den Breis einiger Reformen in Rirche und Staat und befonders einer Umgestaltung der Rechtspflege wieder zu dem Befite bes Throns getommen fein wurde. Das eigentliche Samt der Armee, Oliver Cromwell, empfand noch einmal ben vollen Bauber und die ewige Geltung ber Monarchie. Er wußte, daß die eifrigen Presbyterianer fich nie mit ihm verständigen murben, daß fie in ihm ihren geschwornen Reind erblidten. Cher konnte er hoffen, sich mit dem legitimen Trager der Krone zu verfohnen. Er naberte fich baber bem Ronig, er zeigte ihm Sompathien, er trat mit ihm in Unterhandlungen ein. In einem Gartenhause bei Butnet, wo fich das Hauptquartier befand, foll er und Ireton in einer perfonlichen Busammenfunft mit Rarl über einen Friedensvertrag fich besprochen baben. Bund zwischen der Krone und der Heergemeinde geschloffen, so sollte das Barlament burch Ausschließung der widerstrebenden Mitglieder, burch "Reinigung" wie man fich ausbrudte, jum Beitritt gezwungen werben. Es wird berichtet, Cromwell habe an feine Bruft gefchlagen und ben Ronig aufgefordert, Bertrauen au ihm au faffen. Rarl foll beabfichtigt haben, ihm die Burde eines Grafen von Effer zu verleiben, die im vorhergebenden Jahr durch den Tod des bisberigen Inhabers in Erledigung gefommen war. Bir wiffen, daß diefer Rang einst von Beinrich VIII. feinem Abnherrn verlieben worben (X, 598).

Aber die prinzipiellen Gegenfage waren noch zu mächtig, die Leidenschaften und die Betre noch zu aufgeregt, als daß der große Rampf um die höchsten nationalen Lebensfragen durch ein Compromiß batte ausgeglichen werben konnen. Es trat balb au Tage, daß die Beergemeinde nicht eine passive Masse war, bereit in ftummer Ergebung dem Billen der Führer zu folgen, daß vielmehr unter den Rampfen wider bas Barlament das Bewußtsein ihrer Bedeutung und ihrer Selbständigkeit in alle Glieder eingedrungen. Unabhängig von den Sauptleuten und Offizieren hatte fich eine Art Beervertretung gebildet, die durch freie Bablen aus den einzelnen Fähnlein hervorgegangen auf die Ansichten und Beschlüffe der Gefammtbeit einen bestimmenden Ginfluß übte. Unter dem Ramen "Agitatoren" bilbeten biefe Bertrauensmänner der Soldaten einen "Rath ber Armee", ber zu bem aus ben höheren Militarbeamten zusammengefetten "Rriegsrath" fich wie bas Haus ber Gemeinen zu bem ber Lords verhielt. In diesen mittleren und unteren Regionen blickte man mit Argwohn auf die friedlichen Tendenzen ber Haupter, insbesondere Cromwells. Das Seer sei unter die Baffen getreten, um die Bolksrechte und die Gewiffensfreiheit berauftellen, Cromwell aber verfolge selbstfüchtige Bwede, er wolle für feine eigene Große, für die Butunft feiner Kamilie forgen. Die Gottseligen nahmen Aergerniß, daß er mit den Zöllnern und Sundern verfehre und mit ben Gottlofen und Ufurpatoren au Rathe fite, um bas Reich bes Antichrifts wieder aufzurichten. Aufregende Flugschriften wurden in die Banbe ber Solbaten gebracht, worin auf einen socialen Umfturg

bingearbeitet ward. Ein neues politisches Element brang bamals zum erstenmal Levellers. aus duntier Tiefe an das Licht bes öffentlichen Lebens hervor, ein Schreckbild für Independenten wie für Bresbyterianer. Gine fanatisch-rabicale Gette, Levellere genannt, berlangte in einer bon bem Demagogen Lilburn berfaßten Schrift nicht nur eine Umgestaltung ber Berfaffung und Berwaltung auf Grund volltommener Boltsfonveranetat und Gelbstregierung, fondern brang auch auf Abichaffung ber Behnten, Aceife, Bolle, auf Ausgleichung bes Grundeigenthums, auf "Sorge für die perfonliche Subsistenz eines Jeden, der ba arbeiten wolle"; fie verlangte unbedingte Trennung von Staat und Rirche, erklarte fich gegen jede Bwangsgewalt in religiofen Dingen burch fixirte Cultus- und Berfaffungsformen und forberte, daß Riemand gegen fein Gewiffen jum Rriegsbienft genothigt werde. Die militarische Disciplin, die Seele bes gangen Organismus, war in ber Auflosung begriffen; wie sollte ein auf Subordination gegrundetes Beergebande fortbesteben, wenn subalterne Militarbeamte die Glieder gegen die Baupter auswiegelten! Der Rriegerath erkannte die Gefahr, welche dem gangen Organis. mus brobte, und Cromwell befaß Einficht und Energie genug, einen Umichwung an bewirken, ehe die Meuterei und die demokratischen Ideen den gangen Körper ergriffen. Durch einige Bufagen in Betreff ber Erneuerung ber Boltereprafen. tation mittelft freier allgemeiner Bablen und einiger Reformen in Juftig und Steuerwefen ftellte man die Gemäßigteren aufrieden; über die Biberfpenftigen, welche ben Spruch "bes Boltes Freiheit und ber Soldaten Rechte" an ihren Buten trugen, wurde ein Rriegsgericht gehalten und von den brei verurtheilten Rabelsführern ber eine, ben bas Loos traf, fofort vor ber Fronte erschoffen. Bugleich brach Cromwell alle Berhandlungen mit bem Konig ab: ein Brief Rarls an feine Gemablin in Baris, ber ihm und Breton in die Bande fiel, gab den Independentenführern die Ueberzeugung, daß der Ronig es mit der Berlöhnung nicht aufrichtig meine, daß er nimmermehr volle Gewiffensfreiheit, wie jene verlangten, gemabren, bochftens eine Milberung ber Strafgefete eintreten laffen wurde, bag er teineswegs die Trennung von Rirche und Staat zu gestatten, sondern die Befugniß ber burgerlichen Gewalt in Sachen ber Religion einzugreifen, festaubalten gebente. Balb gelang es bem Mugen und entschloffenen Manne die brobende Opposition im Deer zu erstiden, ben Bund ber Levellers aufzulosen und bas Bertrauen ber Solbaten wieder zu gewinnen. Die Offiziere und Agitatoren verföhnten fich, mit Saften und Beten murbe die Bieberherftel- Rovember lung ber militarischen Disciplin und ber Gintracht bes Beeres gefeiert.

Als die Entzweiung zwifchen ben Beerführern und ben Untergebenen noch Der Konig im Gange war und man noch nicht bas Resultat absehen tonnte, tamen schot. Infel Bight tische Abgeordnete nach Samptoncourt und riethen bem Konig zur Flucht, sei es nach Edinburg oder zu ihren presbyterianischen Freunden nach London. Rarl war dem Borfchlage nicht abgeneigt; aber er wollte weder nach der einen noch nach ber andern Sauptstadt, wo er wieder mit gebundenen Sanden unter die

Riemand in seinem Gewissen bedrängt wurde. Der Ronig schien nicht abgeneigt, mit der Armee ein Abkommen zu treffen, wodurch er um den Preis einiger Reformen in Rirche und Staat und befonders einer Umgestaltung der Rechtspflege wieder zu dem Befige bes Throns getommen fein wurde. Das eigentliche Saupt ber Armee, Oliver Cromwell, empfand noch einmal ben vollen Bauber und die ewige Geltung ber Monarchie. Er wußte, daß die eifrigen Presbyterianer fich nie mit ihm verständigen wurden, daß fie in ihm ihren geschwornen Beind erblidten. Eher tonnte er hoffen, fich mit dem legitimen Trager der Krone zu ver-Er naberte fich baber bem Ronig, er zeigte ibm Sympathien, er trat mit ihm in Unterhandlungen ein. In einem Gartenhanse bei Butnet, wo fich das Hauptquartier befand, soll er und Ireton in einer versönlichen Busammentunft mit Rarl über einen Friedensvertrag fich besprochen baben. Bund zwischen ber Krone und ber Beergemeinde geschloffen, so follte das Barlament burch Ausschließung der widerstrebenden Mitglieder, durch "Reinigung" wie man fich ausbrudte, jum Beitritt gezwungen werden. Es wird berichtet, Cromwell habe an feine Bruft geschlagen und ben Ronig aufgefordert, Bertrauen zu ihm zu fassen. Karl foll beabsichtigt haben, ihm die Würde eines Grafen von Effer au verleiben, die im vorhergebenden Jahr durch den Tod bes bisberigen Inbabers in Erledigung getommen war. Bir wiffen, daß diefer Rang einft von Beinrich VIII. seinem Ahnherrn verliehen worden (X, 598).

Aber die prinzipiellen Gegenfage waren noch zu mächtig, die Leidenschaften und die heer-gemeinde. noch zu aufgeregt, als daß der große Kampf um die höchsten nationalen Lebensfragen burch ein Compromiß hatte ausgeglichen werben konnen. Es trat balb ju Tage, daß die Beergemeinde nicht eine passive Daffe war, bereit in ftummer Ergebung dem Billen der Führer zu folgen, daß vielmehr unter den Rampfen wider bas Barlament bas Bewußtsein ihrer Bebeutung und ihrer Selbständigkeit in alle Glieder eingedrungen. Unabhängig von den hauptleuten und Offizieren batte fich eine Art Beervertretung gebilbet, die durch freie Bablen aus ben eingelnen Fahnlein bervorgegangen auf die Ansichten und Beschluffe ber Gesammtbeit einen bestimmenden Ginfluß übte. Unter dem Ramen "Agitatoren" bilbeten biefe Bertrauensmänner ber Soldaten einen "Rath ber Armee", ber gu bem aus ben höheren Militarbeamten gufammengefesten "Rriegsrath" fich wie bas Saus der Gemeinen zu dem der Lords verhielt. In diesen mittleren und unteren Regionen blidte man mit Argwohn auf die friedlichen Tendengen ber Baupter, Das Beer sei unter die Baffen getreten, um die insbesondere Cromwells. Bolksrechte und die Gewiffensfreiheit berzustellen, Cromwell aber verfolge selbstfüchtige Brecke, er wolle fur feine eigene Grobe, fur die Butunft feiner Kamilie forgen. Die Gottseligen nahmen Aergerniß, daß er mit den Bollnern und Sundern vertebre und mit ben Gottlofen und Ufurpatoren au Rathe fite, um bas Reich bes Antichrifts wieber aufzurichten. Aufregende Flugschriften wurden in die Bande ber Solbaten gebracht, worin auf einen socialen Umftur;

hingearbeitet ward. Ein neues politisches Element drang damals zum erstenmal Levellers. aus buntler Tiefe an bas Licht bes öffentlichen Lebens berbor, ein Schreckbilb für Independenten wie für Bresbyterianer. Gine fanatisch-radicale Sette, Levellers genannt, verlangte in einer von bem Demagogen Lilburn verfaßten Schrift nicht nur eine Umgestaltung ber Berfaffung und Berwaltung auf Grund volltommener Boltssouveranetat und Selbstregierung, fondern drang auch auf Abichaffung ber Behnten, Accife, Bolle, auf Ausgleichung bes Grundeigenthums, auf "Sorge für die perfonliche Subsistenz eines Jeden, der ba arbeiten wolle": fie verlangte unbedingte Erennung von Staat und Rirche, ertlarte fich gegen jede 3mangegewalt in religiofen Dingen burch fixirte Cultus- und Berfaffungeformen und forberte, bag Riemand gegen fein Gewiffen jum Rriegebienft genothigt werbe. Die militarische Disciplin, die Seele des ganzen Organismus, war in ber Auflofung begriffen; wie follte ein auf Subordination gegrundetes Beergebaude fortbesteben, wenn subalterne Militarbeamte bie Glieber gegen die Saupter aufwiegelten! Der Rriegsrath erfannte die Gefahr, welche bem gangen Organismus drobte, und Cromwell befaß Einficht und Energie genug, einen Umschwung zu bewirken, ehe die Meuterei und die demokratischen Ideen den ganzen Körper ergriffen. Durch einige Bufagen in Betreff der Erneuerung ber Bollereprafen. tation mittelft freier allgemeiner Bablen und einiger Reformen in Justig und Steuerwesen ftellte man die Gemäßigteren gufrieden; über die Biberfpenftigen, welche ben Spruch "des Boltes Freiheit und der Soldaten Rechte" an ihren Buten trugen, wurde ein Rriegsgericht gehalten und von den brei verurtheilten Rabelsführern ber eine, ben bas Loos traf, fofort vor ber Fronte erschoffen. Bugleich brach Cromwell alle Berhandlungen mit bem König ab: ein Brief Karls an feine Gemahlin in Paris, ber ihm und Ireton in die Sande fiel, gab ben Independentenführern die Ueberzeugung, daß ber Ronig es mit ber Berfohnung nicht aufrichtig meine, daß er nimmermehr volle Gewiffensfreiheit, wie jene verlangten, gewähren, bochftens eine Milberung ber Strafgefete eintreten laffen wurde, baf er teineswegs die Trennung von Rirche und Staat zu gestatten, sondern die Befugniß der burgerlichen Gewalt in Sachen der Religion einzugreifen, festzuhalten gebente. Balb gelang es bem Hugen und entschloffenen Manne die drohende Opposition im Heer zu erstiden, den Bund der Levellers aufzulösen und bas Bertrauen ber Solbaten wieber zu gewinnen. Die Offiziere und Agitatoren verföhnten fich, mit Saften und Beten wurde die Biederherftel. Rovembet lung der militarischen Disciplin und der Eintracht des Heeres gefeiert.

Als die Entzweiung zwischen ben Beerführern und den Untergebenen noch Der Konig im Gange war und man noch nicht das Refultat absehen konnte, kamen schot, Inselwisb tische Abgeordnete nach Samptoncourt und riethen bein Konig zur Flucht, sei es nach Stinburg ober zu ihren presbyterianischen Freunden nach London. Rarl war bem Borschlage nicht abgeneigt; aber er wollte weber nach ber einen noch nach der andern Sauptstadt, wo er wieder mit gebundenen Handen unter die

Aufficht feiner Gegner gekommen ware, sondern er erfah fich einen Ort, wo er mit bem Auslande wie mit ben Barteien im Innern Berbindungen unterhalten tonnte. Fairfag und Cromwell, welche fürchteten, die Agitatoren möchten fich

feiner Berfon bemachtigen, legten feiner Entfernung tein hinderniß in den Beg. Bon wenigen getreuen Dienern begleitet, verließ ber Ronig am 10. Rovember des Abends den Part von hamptoncourt und nahm seinen Beg nach der Insel Bight, wo Oberft Dammond, ein Anhanger Cronwells, aber unzufrieden mit bem wilben Bebahren bes Beeres, ben Oberbefehl führte. Diefer nahm ben Rönig ehrerbietig auf und begegnete ihm mit der seinem Range gebührenden Achtung. Er wies ihm bas fefte Schlof Carisbroot an der Rufte jum Aufentbalt an und geftattete ibm freien Bertebr. Bon bort aus tnüpfte Rarl Unterbandlungen an mit der Armee und dem Barlament. Er schickte an Cromwell und an die hoben Offiziere, mit benen er früher Unterredungen gepflogen, beim-8. Decbr. lich Bewollmächtigte. Aber an ber Ralte und Burudhaltung, mit ber fie empfangen wurden, tonnten fie gewahren, daß fich die Bage verandert habe; benn mittlerweile war die Berfohnung in ber Armee erfolgt und Cromwell und feine Freunde hatten fich von der Sache bes Ronigs losgefagt. Fortan gingen ihre Bege auseinander. Eben so wenig war das Parlament, wo jest die Indepenbenten bie Oberband befagen, gesonnen, mit bem Ronig einen Bertrag auf ber früheren Bafis einzugeben. Es wurden vier Beichluffe gefaßt und in beiden Baufern durchgeführt, welche, wie man voraussehen tonnte, nie die Buftimmung Danach follte nicht nur die militarifche Gewalt ber Raris erhalten würden. Rrone entzogen, sonbern auch alle toniglichen Erlaffe und Bertundigungen, die seit bem Anfang bes Rrieges wider bas Barlament ausgegangen, für ungultig erflart, die mahrend biefes Beitraums ernannten Peers nur mit Genehmigung beider Baufer bei ihren Ehren und Sigen erhalten werden und bas Parlament berechtigt fein, fich zu vertagen wann und wohin es wolle. Es waren Beschluffe, welche bas Parlament unabhängig von ber Krone machen und jeder funftigen Beranderung der bermalen begrundeten Ordnung vorbeugen follten. Als der Rönig diese Borlagen, welche der Krone alle Souveranetatsrechte entzogen haben murden, gurudwies, murbe jede weitere Berhandlung mit ihm abgebrochen, jeder Bertehr mit ihm unterfagt und feine Ueberwachung verschärft.

Gewaltherr= fchaft ber In-

Schon früher hatte man bei ber Armee Meußerungen vernommen, daß man indenten. den Stuart für das vergossene Blut verantwortlich machen und bestrafen folle: jest borte man Cromwell fagen: "Gott habe bes Ronigs Berg verhartet, er fei nicht zu versöhnen; bas Parlament moge bas Reich nach feiner eigenen Dacht und Resolution regieren." Dies war die Meinung des ganzen Seeres; Gott felbst habe burch ben Ausgang ber Schlachten tund gegeben, auf welcher Seite bas Recht fei. Barlament und Armee waren in voller Uebereinstimmung und von gleicher Reindseligkeit gegen ben Ronig erfüllt. Es wurde ein neues Committee bestehend aus fieben Lords und vierzehn Gemeinen gebildet, entschiedene Independenten, unter ihnen Cromwell, Baslerigh, die beiden Banes, welche die Leitung ber öffentlichen Dinge in die Sand nahmen. Rach einigem Biberftreben von Seiten der Altpresbyterianer, Rorthumberland, Warwick u. a. trat auch das Oberhaus der neuen Schöpfung bei. Bon der Entscheidung dieses Aus. 15. 3an. ichuffes, der "Grandees", wovon jedes Glied über eine Faction berrichte, bing fortan der Sang der öffentlichen Angelegenheiten ab; alle Beschluffe wurden von diesen wenigen Leitern bestimmt; fie bilbeten eine "Oligarchie mit dictatorialer Gewalt", welche die Autorität der Regierung und der Armee und die Sobeit des Staais reprafentirte. Bie anderthalb Jahrhunderte fpater in Baris ber Bohlfahrtsausschuß ein unumschränktes Regiment führte, so damals in England die Rörperschaft der 21 Grandees; beibe bebienten fich gur Behauptung ihrer Berrschaft berselben terroristischen Mittel: burch Spaberei, Bregamang, Bolizeibrud bielten fie die Menge in Gehorfam, firchlicher Belotismus bestimmte die öffentliche Deinung: Theater und jede Art von weltlicher Luft wurden gewaltsam unterdruckt. Die Gefängnisse füllten sich mit Ropalisten und Papisten; die Guter ber "Delinquenten" wurden mit Befchlag belegt; burch Anleihen, Contributionen, Accife wurden die nothigen Geldmittel fur Beer und Berwaltung beschafft. "Go erschienen Die, welche die allgemeine Freiheit einführen wollten, junachst als die Sandhaber einer abfoluten, eigenfüchtigen, unterdrückenden Gewalt."

## c. Cromwells Siegeslauf und Rarls I. Proges und Enbe.

Das fcroffe Parteiregiment ber Independenten in Deer und Parlament Mopaliftifche reigte die Anderegefinnten zur Buth und wedte die Sympathien für das Ronig. ifien. thum: Ropalisten und Presbyterianer vereinigten fich in dem Bunfche, bon bem auf ihnen laftenden Joche befreit zu fein; Ariftotraten und Burger trafen in ber Anficht zusammen, "bas Recht der Krone bilde einen Theil der öffentlichen Freibeit"; in Loudon, in den Graffchaften, in vielen Städten entstanden Berbindungen "zur Befreiung bes Königs und bes Parlaments". Bor Allem trat in Schottland ein Umschwung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ein. Sat das Beer darum seinen Herrn und Meister an das englische Parlament um Silberlinge verkauft, fragte man, damit die erbittertsten Feinde des Covenants und der Synodalkirche das Regiment in die Sande betamen und die Schotten und ihre Glaubensverwandten bon allem Untheil an ben öffentlichen Ungelegenheiten ausschlöffen? Eine abnliche Mißstimmung gab sich in Irland, in Bales, in andern Gegenden fund; im gangen Reiche herrichte Ungufriedenheit und Gahrung; felbit auf ber Blotte zeigte fich Abfall und Emporung ; ein Theil berfelben fegelte nach Holland hinüber und nahm den Bringen von Bales auf.

Die Schotten glaubten fich berufen, wie fie früher für ihren Blauben gegen Die Schotten Konigthum und hierarchie das Schwert ergriffen und bem Parlamente ben Sieg lung bei Ronige. verschafft, so jest dem ftammverwandten Ronig wieder zu seinem Rechte verhelfen,

die monarchische Staatsform wieder aufrichten zu muffen. Ihre Abgeordneten erschienen beimlich auf der Infel Bight, um mit Rarl einen neuen Bertrag abauschließen: Der awischen England und Schottland vereinbarte Bund und Covenant follte fortbestehen, und den ichottischen Commiffaren ihr Antheil an der Leitung ber öffentlichen Dinge gewahrt bleiben, ber Ronig aber nicht zur unbebingten Annahme ber presbyterianischen Rirchenform verpflichtet sein. Rur vorläufig auf brei Sabre follte bieselbe in Geltung bleiben, bann über eine befinitive Ordnung aufe Reue berathen und beschloffen werden. Unter Diefer Bedingung wollten die Schotten mit bewaffneter Mannschaft über die Grenze ruden und bem Ronig wieder zu feinen Rechten in Beziehung auf die Militargewalt, auf Befetung der hohen Aemter und Staatswürden, auf die Berwaltung bes großen Siegels u. f. w. verhelfen. Erot bes Biberftrebens ber ftrengen Rirchenmanner, welche vor Allem auf der Durchführung bes Covenants für alle drei Reiche bestanden, wurde biefe Uebereinfunft von dem schottischen Barlamente angenommen und von ber gangen Ration mit Freuden begrüßt. Es war gum erstenmal, daß die robaliftischen Sombatbien über die ftreng firchlichen Anfichten ben Sieg babon trugen. Man hoffte ben Schanbfled auszutilgen, ben bie schmachvolle Auslieferung bes angestammten Monarchen auf ben schottischen Ramen gelaben. Die gemäßigt ropalistische Bartei ber Hamiltons führte die entscheibende Stimme. Die Leitung bes Beeres fiel ihnen ju; Araple und die alten Generale, wie Lesley, wurden aurudaefest.

Siegeshoff-

Die Erscheinung ber Schotten in Rorbengland gab bas Beichen zur allgenungen ber Ronglid- meinen Schilberhebung der Ropaliften und Malcontenten. In Rord- und Sudgefinaten. Gub April wales, in Anglesey, wo Lord Byron festen Tuß gefast, in Cornwall, Cumber1648. fand und Rostmareland sab man die rothe Aricasfabne weben : man verlangte, land und Westmoreland sah man die rothe Kriegefahne weben: man verlangte, daß der Ronig in Freiheit, Sicherheit und Chre wieder eingesett, die Armee von Fairfax aufgelöft werbe, benn die Prarogative der Rrone und die Freiheit des Landes hingen aufs Innigfte mit einander ausammen. Lord Solland vermittelte bie Berbindung mit der Ronigin und bem Bringen von Bales; man ging mit bem Blane um, den gefangenen Monarchen aus feinem Ruftenschloß zu befreien. Mugidriften, unter ber Band in Umlauf gefett, gaben Beugnif von ber fieges. froben Buverficht ber Cavaliere: "bie ichmarge Bolte, welche bisher über ihnen gehangen, theile fich, ihr Glud fleige aus tieffter Cbbe wieber an". Alle Manner logaler Gefinnung follten gufammenfteben, um die ehrgeizigen Abfalome gu fturgen und bem legitimen Fürsten seine Chre gurudzugeben. Man suchte die Meinung ju verbreiten, als gingen diefe Schriften von dem Ronig felbst oder feiner Umgebung aus. Das Unterhaus ließ viele Exemplare verbrennen und fuchte burch eine Declaration, daß es fernerhin die Regierung ohne Rudficht auf ben König führen werde, fich das Ansehen zu geben, als fuhle es fich volltommen ficher; aber man mertte boch bas Bagen bei ben Bolksvertretern. Ronnten fie es ja nicht einmal verhinbern, bag die Londoner Lehrburschen auf einige Beit fich Meister ber Sauptstadt machten und bem Ronia ein Lebehoch erschallen ließen. Trot des früheren Befchluffes, bon bem Stuart feine Botichaft mehr anzunehmen, wurden noch eimnal Berhandlungen mit bem gefangenen Fürsten angeknüpft. Eromwell aber foll ausgerufen haben, man muffe bie Stadt entweber zum Behorfam zwingen ober in Staub legen.

So mußte denn abermals die Enticheidung der Baffen gefucht werben. Der zweite 3m Sommer 1648 zogen die Independenten wieder ins Geld, um in einem und Gromneuen Rrieg, ben man als zweiten Burgerfrieg bezeichnet, die Schotten und ihre 1649. englischen Berbundeten, Ropaliften wie Presbyterianer, mit ber Scharfe bes Somerts zu befampfen und die Herrichaft ber Grandees zu befestigen. Bahrend Fairfag in Reut und Effer den Aufruhr mit blutiger Strenge niederwarf, Daidftone nach tapferfter Gegenwehr im heftigen Strafentampf "mit Bulfe bes herrn" in feine Gewalt brachte, und ben Grafen Solland und feine abeligen Berbunbeten bei Kingston upon Thames in ber Feldschlacht überwand; brach Cromwell die Burgen der Königlichen in Bales, zwang die wichtige Stadt Bembrote zur Capitulation, wobei er die alten Ropaliften mit mehr Schonung behandelte als !!. 3uli die Presbyterianer, "die fich der Apostafie von dem Lichte Gottes fouldig gemacht", und wandte fich bann im Sturme nach Rorben, wo Samilton, umgeben von einer glanzenden Leibwache und zahlreichem Abel, mit seinen Schotten und ihren englischen Bundesverwandten fich in weiten Bwischenraumen aufgestellt hatte. Die ganze Bukunft Englands, die Existenz des monarchischen Staats hing von dem Ausgang des Kampfes ab, der in den nördlichen Grafschaften zur Entscheidung tommen mußte. An Bahl und Ausruftung waren bie Truppen Samiltons ben Cromwellfchen weit überlegen, auch nachdem General Lambert fich mit ber Sauptarmee bereinigt hatte, aber biefe wurden angefeuert bon bem Inpulfe ihrer religios-politifchen Ibee und von der Energie und bem Feldherrngenie ihres Führers. Bwifchen Prefton und Warrington in einer moraftigen Gegend wurden bie Schotten und Royalisten an drei auf einander folgenden Tagen nach dem tapfersten Biderstande von den Independenten befiegt. icopft von den langen Marichen, ohne hinreichende Lebensmittel und Kriegs. bedarf ergab fich zuerst das gefammte Rusvolt in Kriegsgefangenschaft und einige Tage nachher auch die Reiterei. Es war eine vollständige Riederlage ber königlichen und presbyterianischen Sache; fortan war von einer Einwirkung der Schotten auf Rirche und Staatsverfassung in England teine Rede mehr. Cromwell sette auf eigene Sand über den Tweed und rudte in Schottland ein, nachdem ihm die beiden Festungen Berwid und Carlisle übergeben worden; am 4. Oftober jog er in Sdinburg ein, von den Führern der Covenanters, die ihn früher als ihren gefährlichsten Feind behandelt, im Triumph empfangen. Denn fein Erscheinen führte in dem nördlichen Rachbarreich einen raschen Umschwung berbei; Arghle und die strengen Rirchenmanner, welche die Riederlage Hamiltons als eine Entscheidung Gottes ansaben, tamen wieder in die Bobe und schloffen

fich an Cromwell an. Sie bereinigten fich zu einem neuen Bund, Bhiggamoore's-Raid genannt, (von dem man den Ramen der Bhigs berleiten will), trieben den Ausschuß ber Stande, der fich bes Regiments bemachtigt hatte, ans ber hauptftabt und ertfarten Alle, welche die Baffen wider England getragen, ihrer öffentlichen Stellen für verluftig. Mit einem Dantfeft feierte man ben Umfdwung: bie Biberftrebenden wurden bom Abendmahl und von ber firchlichen Gemein= ichaft ausgeschloffen. Die Union zwischen beiben Reichen follte fortbauern, aber bas englische Parlament führte nunmehr die entscheidende Stimme. Anch auf ber Flotte trat ein Umschwung ein; ber Pring von Bales tehrte nach den Rieberlanden gurud.

Die Ans zeichen ber fommenben Dinge

Mit geheimem Grauen bernahmen in England Ropaliften und Presbyterianer die Siege Cromwells; jene fürchteten, daß die Monarchie zusammenbrechen und eine Militarberrichaft errichtet werden murbe; biefe erblidten im Geifte ben Umsturz der spnodalen Staatstirche, das Auftommen religiöser Anarchie. Sie flagten, "bag Gott die gerechte Sache ju Grunde geben laffe und die ungerechte beschütze, Cromwell sei die Geißel Gottes auf Erden". Die Befürchtungen waren nicht unbegründet. Schon im Lager von Bembrote batte Cromwell an Rairfar geschrieben: "Gottes Bolt foll nicht beständig Gegenstand des Grimmes und Bornes fein; Gott will nicht, daß wir fort und fort unsere Raden unter das Joch der Last beugen; er wird den Stab des Drangers gerbrechen, wie in den Tagen Midians; ber Berr vermehre bagu feine Onabe an Dir und halte Dein Bern aufrecht." In bem Schlachtbericht von Prefton machte er dem Parlamente in seiner Beise dunkle Andeutungen, wie man bei der Armee den Sieg ansehe: "In Allem was geschehen, sei die Band Gottes; was in der Belt boch ift oder fich felbst erhöht, das wolle er niederwerfen; das Bolt sei wie ein Augapfel Gottes, um beffentwillen verwerfe er felbft Ronige; man moge nur Duth baben. das Werk des herrn zu vollbringen und die, welche nicht in Frieden leben wollten, aus dem Lande vertilgen; bann werbe Gott seine Glorie und bas Land ben göttlichen Segen haben."

Lette Ber-banblungen

Bahrend das Beer in Schottland ftand, wurde zwischen Konig und Barmit dem lament noch einmal über eine Uebereinkunft verhandelt. Bu dem Ende begaben Ronig auf imment ind Abgeordnete beider Saufer, unter ihnen Rorthumberland, Genry Bane und Sollis nach Remport, wohin auch der König von Carisbroot-Caftle gebracht wurde. Die Commiffare erschraden über bas Aussehen bes Fürften, über fein bor Rummer grau geworbenes Baar, über feinen matten traurigen Blid: nur feine innere haltung fanden fie unberandert. Da auf beiden Seiten der Bunfc nach einer friedlichen Ausgleichung obwaltete, so tam man fich naber als je zuvor: Man verftandigte fich über die Militargewalt, über die Ginrichtung ber Rirche, über die Berhaltniffe awischen Krone und Parlament; und wenn gleich Rarl in der Schen vor definitiven Beschluffassungen den doppelfinnigen Charafter seiner Bolitif auch jest noch nicht verleugnete, so murbe man boch über einen

Entwurf einig, ben bas Unterhaus mit einer Majoritat von sechsundbreißig 20. Rov. Stimmen für geeignet erklarte als Grundlage eines Friedens zu dienen. Danach 5. Decht. batte das Barlament auf eine Reibe von Jahren das Uebergewicht über die Krone behalten, das Ronigthum felbft aber mare bestehen geblieben und die englische Lirche ben protestantischen Formen bes Festlandes näher getreten.

Ein folder Ausgang mar jedoch nicht im Sinne Cromwells und ber mili- Remonftrang tarischen Machthaber. Für fle galt bas Prophetenwort: "Binbet ihre Konige in Retten und ihre Eblen mit Beffeln von Gifen." Es gefcah nicht ohne ihren Billen und ihr Buthun, bag bie Regimenter die fruberen agitatorifchen Bewegungen wieder aufnahmen. Dringende Abreffen forberten im Ramen bes Beeres, baß man bor Allem bas Bohl bes Bolfes ins Auge faffe, bag man ftrenge Strafgerechtigkeit übe gegen Alle, Soch wie Riedrig, die an den letten Unruhen Theil genommen, daß man den König zur Berantwortung ziehe, weil er unschuldig Blut vergoffen. Geftütt auf diese Billensaußerungen ber Regimenter richtete der Generalrath der Armee eine "Remonstranz" an das Unterhaus, daß teine 18. Nov. Abtunft mit bem Ronig getroffen, die Urbeber bes Rriegs bestraft und die bochfte Gewalt fest bestimmt werden mochte. Das Parlament, worin die Presbyterianer immer noch einen überwiegenden Ginfluß besagen, batte fo viel Gelbftgefühl, daß es fich durch die Borftellung der Sauptleute und Offiziere nicht bewegen ließ, die gerade in vollem Sang befindlichen Berhandlungen in Newport abzubrechen. Allein die militärischen Führer erkannten die Absicht, in dem Bunde bet Ronias und ber Reprasentanten ein Gegengewicht gegen die bewaffnete Macht an bilben. Cromwell und feine Genoffen beschloffen baber, auf bem Bege ber

Bie bor ber Sinrichtung Straffords fucte man ein foldes Berfahren burch eine Lude in den Landesgesetzen zu rechtfertigen. "Es gebe Falle, für welche die bestebende Sefetgebung nicht hinreichend Borfehung getroffen habe; in folden gallen befige ber boofte Rath der Ration die Befugnis einzuschreiten." Bei der Armee wurde von Fanatikern wie Treton, Ludlow u. a. geltend gemacht, daß nach der beil. Schrift das Land, in weichem unschuldig Blut bergoffen ware, nur durch bas Blut beffen, der es bergoffen. entsühnt werden könne; "da nun ber König an dem Blutvergießen in England die größte Sould trage, fo wurde das Land, wenn es ihn in feine Sewalt wieder herftelle, die Rache Sottes auf fich herabziehen. Gin foldes Uebel von der Ration abzumehren lei in erster Linie die Armee, die nicht aus Soldnern sondern aus freien Burgern bestehe, brechtigt und verpflichtet." Man horte fagen: "Benn man findet, daß Gott in feinem Bericht ein Haus entwurzelt und aus dem Lande geworfen hat aus Gründen, die er am beften weiß, fo muß es als eine gerechte Sache angefeben werden; das Ronigthum und das Königshaus hat Gott thatsachlich verworfen."

Gewalt diefem Borhaben entgegenzutreten.

Bunachft galtes nun eine Rechtsform für ein solches Strafverfahren zu finden. Der Gewaltkreich verbeDazu bedurfte man aber einer Mitwirtung des Parlaments, sollte das Borgeben reitet. Der
nicht ele kiele man aber einer Mitwirtung des Parlaments, follte das Borgeben gene nach nicht als bloker Gewaltatt erscheinen. Es wurde daber awischen einigen Offizieren Gurficafile und independentischen Parlamentsrathen eine Busanmentunft veranstaltet, worin Rov. 1648.

man den Beschluß faßte, die Mehrheit des Unterhauses durch Ausschließung

einer Angahl presbyterianifcher Mitglieder ju verandern. Bu bem Bebuf wurde von ben Anwesenden eine Liste der Auszustogenden aufgestellt und dem Oberft Bribe, bem die Ausführung des Staatsftreichs übertragen war, eingehandigt. Bugleich hatte man Borforge getroffen, ben Ronig in ficheren Gewahrsam ju bringen, bamit er nicht entführt werben mochte. Sammond, ber Befehlshaber 26. Nov. der Insel Bight, war durch ben Rriegsrath angewiesen, den Gefangenen wieder in Carisbroof-Caftle einzuschließen, ober wenn er Biberftand fanbe, "zu verfahren wie Gott es ihm eingeben murbe". Rarl nahm von den Commiffaren des Barlamente rührenden Abichieb; mit Thranen beflagte er bas barte Gefchick, bas ibm und bem Lande auferlegt fei. Er follte nicht nicht nach Carisbroot gurud. fehren. Der Major Rolfe, ein fanatischer Republikaner, hatte bereits ben Auftrag

30. Nov. Sampfhire zu verbringen, "bon Fluthen umtoft, mit engen, bunteln, gefängniß. artigen Raumen". In Diesem duftern Orte verblieb er, bis fich fein Schicffal erfüllte. In der Racht vor der Ueberbringung hatte er fich vielleicht noch durch Die Flucht retten können; aber er wollte sein dem Parlamente gegebenes Bort nicht brechen.

erhalten, ihn bon Remport nach bem Gelsenschloß hurftcaftle an ber Rufte von

Bribe's Reis nigungeaft.

Unterdeffen war Cromwell von Schottland jurudgefehrt, und nun wurde 2. Derbr. alsbald ber beschloffene Gewaltstreich ins Bert gesett. Gin brobendes Manifest der Armee bildete die Einleitung. Daffelbe beschuldigte die Mehrheit des Barlaments bes Abfalls von ihren früheren Grundfagen und legte, indem es fich auf das Urtheil Gottes und aller guten Leute berief, ben Offizieren, benen ber Berr Dacht und Sieg verlieben, bas Recht und die Bflicht bei, bas Reich in beffere Berfaffung ju fegen und die Schuldigen ju bestrafen. Das Unterhaus ließ fich nicht einfcudtern; es rechnete noch auf bas alte Landrecht und feine parlamentarifche Autorität. Roch am 5. December beschloß es, auf Grund der Bereinbarung bou Newport mit dem Ronig ein friedliches Abkommen zu treffen. Unterdeffen batte Fairfag die Borftadte von London mit seinen Truppen besett; am Morgen des 6. December wurde auch in Weftminfter die ftadtische Milig, die bort bisber den Bachedienst bersehen, entfernt und das Parlamentshaus von Pride mit feinen Soldaten umftellt, selbst Treppen und Borfaal befest. Die Mitalieder blieben muthig und ftandhaft; fie fragten ben Oberft nach feiner Legitimation; Diefer aber wies, wie einst Johce in Holmby auf seine bewaffnete Umgebung. Darauf wurden die presbyterianischen Mitglieder, beren Ramen auf ber Lifte ftanden, 52 an Bahl, festgenommen und nach berschiedenen Orten in Saft gebracht. Es waren meistens Manner, die bisher an der Spige der parlamentarifchen Opposition geftanden, unter ihnen Phnne, ber im Rampfe gegen Königthum und hierarchie an Leib, Gut und Chre gestraft worben war. Roch immer war jeboch ber Muth ber Berfammlung nicht gebrochen. Das Baus befchloß, feine Gefchafte vorzunehmen, bis ihm feine Mitglieder gurudgegeben maren. Erft als am folgenden

Tag abermals etliche vierzig gefangen weggeführt waren, verstunmte der Widerstand. Rach diesem unter dem Namen "Pride's Reinigung" bekannten Gewaltstreich war die öffentüche Gewalt bei der Armee und den Independenten. Auch der Gemeinderath und die städtischen Behörden von London wu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in ähnlichem Sinne "gereinigt".

Bisber batte fich Cromwell im hintergrund gehalten und die beiden Rriegs. Die Antlage rathe, die fich die Armee geset batte, handeln lassen; jest trat er in seiner ganzen beschlossen. Berrichfucht auf. Seine Siege in Schottland hatten ihn zum Idol bes Bolles gemacht; bas Unterhaus sprach ibm ben Dant ber Ration ans. Er bezog bie toniglichen Gemacher in Whitehall; benn nun war er herr und Gebieter und das aus Independenten bestehende sogenannte "Rumpfparlament" nur ein willenlojes Bertzeug in feiner Sand. Doch glaubte er bes vollen Sieges nicht ficher zu sein, so lange ber Ronig am Leben ware, beffen bloges Dafein ein fortwährender Protest gegen alles Geschehene war. Bahrend bes Rampfes hatte sich die Ibee ber Bolfssouveranetat ausgebilbet; biefem Pringip follte bas erbliche Oberhaupt zum Opfer fallen. Die militarische Macht, um die fich Barlament und Ronig fo beftig gestritten, follte beiden Gewalten Untergang und Berberben bringen. Es wurde beschloffen, gegen Rarl Stuart bermalen Ronig von England" die Rlage auf Hochverrath ju stellen, "weil er die alten Freiheiten ber Ration und ihre Fundamentalgesete umzuftürzen und ein tyrannisches willfürliches Regiment einzuführen gesucht, vornehmlich aber, weil er Bürgerfrieg erboben, das Land mit Berwüftung und Blutvergießen erfüllt babe." Bu dem Bred follte ein hober außerordentlicher Gerichtshof bestehend ans Generalen und Dberften der Armee, aus Barlamenterathen beider Baufer, aus Rechtsgelehrten, Stadtverordneten und Mannern vom Landadel niedergesett werden. Das Unterhaus nahm ben Antrag an; nur wenige Mitglieder außerten Bedenten, mehr 1. 3an. 1649. wegen der Folgen als aus Grunden des Rechts; das Oberhaus aber, wo fich noch zwölf Lords einfanden, barunter Manchefter und Northumberland, widerjette fich einmuthig. Da erklarten die Gemeinen, ba die Urquelle aller recht. 4. 3an. mäßigen Gewalt nach Gott im Bolte liege, und fie allein die gewählten Bolts. reprafentanten feien, fo mache ihr Bille ausschließlich bas Gefet, ob Konig und Lords beiftimmten oder nicht. Bergebens wurde im Oberhause ein vermittelnder Borfchlag versucht, welcher die alte Berfassung und das Leben des Königs gerettet batte, dabin lautend: es follte in Butunft als Sochverrath gelten, wenn ein König gegen das Barlament und das Reich Rrieg erhebe; die doctrinaren Gewalthaber bestanden auf der Idee der Boltshoheit, die fie in ihrer ganzen Kolgerichtigkeit in das reale Leben einführen wollten.

Die Richter wurden ernannt, es sollten etwa 150 sein; da aber viele die Brozes und Berurtheis-Theilnahme verweigerten, so betrug die Bahl taum mehr als die Halfte, barunter lung bes nur vier Rechtsgelehrte, von denen einer, John Bradshaw den Borsis führte. 1649.
Bulftrode Bhitelock, ein Mann der parlamentarisch-juridischen Schule Cotes,

Freund und Schuler Selbens, und fein College Biddrington verließen bie Stadt, um nicht an dem Prozesse Theil zu nehmen. Auch Lord Fairfar, der bisher bei dem Staatsstreich so thatig sich gezeigt hatte, entzog sich, von seiner Gemahlin beredet; jeder weiteren Mitwirfung. Um fo eifriger zeigte fich Cromwell. Am 20. 3an. 20. Januar wurden die Gerichtssitzungen in Bestminster Hall eröffnet. Man hatte ben König einige Tage vorher burch Major harrifon von hursteaftle nach Bindfor bringen laffen. Als der ftrenge Mann mit einigen Reitern über die Bugbrücke einzog, fürchtete Karl, er möchte an dem unbeimlichen Orte ermordet werben; aber nicht durch Morberband, sonbern burch bas Beil bes Scharfrichters follte er sein Leben verlieren. Bon Natur sanguinisch trug sich Rarl in Bindsor immer noch mit ber hoffnung, daß man nicht jum Meußerften schreiten werbe. Er glaubte, bag man nicht Sand legen werde an ben Gefalbten des Berrn, nicht ein Blutgericht vollziehen, bas weder burch das Gefet Gottes noch burch die Gesete bes Landes gerechtfertigt werden konnte; er schmeichelte fich, daß die auswärtigen Machte fich feiner annehmen wurden, bag es insbefonbere ben Bemühungen feiner Gemahlin gelingen möchte, ben frangöfischen Sof zu einer Intervention zu bewegen, daß fein Gidam, Bilbelm II. von Oranien, in Holland für ihn wirken, der König von Danemart, sein Bluteverwandter fich für ihn verwenden wurde. Als man ihn aber von Bindfor nach St. James brachte, ihm die königlichen Chrenbezeugungen verfagte, da schwand seine Buverficht und fein Bertrauen. Frankreich, durch die Fronde beunruhigt, wagte nicht, das Barlament zu erzurnen, der Brief, worin die Ronigin um die Erlaubniß bat, fich mit ihrem Gemahl zu vereinigen, wurde uneröffnet zurückgelegt, die Gefandten der Generalftaaten, welche Fürbitte einlegen follten, erhielten teine Aubieng. Am 20. Januar wurde Rarl zum erstenmal vor die Schranten geladen. Er verwarf die Auffaffung ber Anklage, bag ihm die bochfte Gewalt vom Bolte anvertraut fei, mit der Bemerkung, er besite seine Krone durch bas Erbrecht; er wollte bie "zum Parlament verfammelten Gemeinen von England" nicht als feine gefetlichen Ankläger, die Anwesenden nicht als seine Richter anerkennen. Ihre Gewalt fei eine Usurpation, die alle Grundgesetze des Reiches aufhebe. "Bas sollte daraus werden, wenn eine Gewalt ohne Ordnung noch Gefet regiere, welche bie alte Form der Berfaffung, unter der England Sahrhunderte lang geblüht habe, umzustürzen suche?" Bei so entgegengesetten Anschauungen konnte von einem eigentlichen Rechtsverfahren keine Rede sein. Beide Theile führten ihre Autorität auf das göttliche Recht zurud und wenn die Communen behanpteten, der König babe die Entscheidung des Schwertes gesucht, diese fei durch Gottes Fügung zu Gunsten des Boltes ausgefallen, das unschuldig vergoffene Blut fordere Bergeltung; so entgegnete der Angeklagte, er habe die Baffen gur Aufrechthaltung der Fundamentalgeset des Reichs ergriffen. "Die Idee der Souveranetat des Boltes und das göttliche Recht der Könige traten gleichsam Leib an Leib einander entgegen." Dreimal erfchien "Rarl Stuart" im Saale von Beftminfter vor bem Gerichtshofe,

um fich gegen die Antlagen zu vertheidigen, dann wurde er als Thrann, Berrather, Morber und öffentlicher Feind bes Gemeinwefens von England jum Tode verurtbeilt.

Drei Tage geftattete man bem Konig jur Borbereitung; er berwandte fie Das Blutju religiöfen Bandlungen unter Leitung bes Bifchofs Juron und ju Gesprachen Bourball. und Ermahnungen mit seinen jungern Rindern, die er zu fich tommen ließ. Dann führte man ihn auf bas am Schloffe Bhiteball aufgeschlagene mit schwarzen Tüchern bedeckte Schaffot. Rach einer turgen Ansprache an die Umftebenden, worin er feine Unfchuld betheuerte und fich als "Märtyrer bes Bolte" bezeichnete, ber unn aus einem verganglichen Ronigreiche zu einem unverganglichen gebe, wurde er von zwei vermummten Mannern in Matrofentracht auf ein von ihm felbst gegebenes Beichen enthauptet. Schweigend fah die zahllose Bollsmenge 30. 3an bem entfetlichen Schauspiele zu. Erft als ber Scharfrichter bas bluttriefende Haupt bei den Haaren faßte und ausrief: "Das ist der Ropf eines Berrathers", machte bas verfammelte Boll bem gepreßten Bergen burch ein bumpfes Stobnen Luft. Es war wie ein unfreiwilliger Raturlaut, bervorgegangen aus dem gemischten Gefühle ber Schuld, ber Ohnmacht, bes Schredens, ein Schrei, "beffen grauenhaften Eindruck Die, welche ihn vernahmen, niemals wieder haben berwinden tonnen".

Der Rame eines Marthrees, ben fic Rarl felbft gegeben, exhielt fich bei der Ration Rarl "ber und verlieh dem zweiten Stuart in den Augen der Rachwelt eine an Beiligkeit grenzende Berehrung. Und in der That, bemertt Rante, wenn Der ein Martyrer genannt werden tann, "ber fein perfonliches Dafein geringer anschlägt, als die Sache, die er verficht, und indem er untergeht, diefe fur die Butunft rettet", fo ift die Benennung nicht gang unrichtig, Rarl war ein Marthrer des Ronigthums, wie es feiner Seele als Babrbeit borfdwebte.

Die blutige Ratastrophe machte in gang Europa einen machtigen Sindrud und Biltons forberte die Geister für und wider heraus. Es ift befannt, mit welcher Festigkeit Milton und Ibonoin feiner "Schuhrebe für das englifche Bolt" das Rechtsverfahren wider Salmafius, flaftet. den Apologeten bes Ronigs vertheibigte. Die öffentliche Stimmung fand ihren pathes tischen Ausdruck in einer Aleinen Schrift, die balb nach dem Tode Raris unter dem Ramen "Bild des Königs" (Iton bafilike) erschien und eine außerordentliche Berbreitung hatte. Sie wurde von den Getreuen als ein Wert des Konigs felbst ausgegeben; allein Milton fuchte in der feurigen Segenschrift "Bildnißzerschlager" (Ronotlaftes) darzuthun, daß ch ein bon einem Robaliften gefälschtes Bert fei, berechnet durch biefe Fiction einen größeren Gindrud herborzubringen, und befampfte zugleich die darin aufgestellten Angaben und Behauptungen. Doch mochten immerhin einige Selbftbeträchtungen des Königs in der Schrift mit Fremdem verwoben sein. In der Stille von Carisbroot hatte Rarl Duge gehabt, über die Bergangenheit nachzudenken und fein Berg ben gottlichen Dingen jugumenden.

## III. Republik und Beftauration in England.

- 1. Das englische gemeinwesen und Oliver Cromwells Protectorschaft.
- a. Cromwells triegerifche Erfolge und Englands politische und maritime Machtfiellung.

Die neue Bisber batte die Staatsgewalt Englands aus Ronig, Lords und Gemeinen gewalt. bestanden; jest nahmen die letteren die öffentliche Macht in die Sand. Buerft 7. gebr. wurde das Königthum für abgeschafft erklärt. Als Einige meinten, man folle den dritten Sohn Rarls, ben achtjährigen Bergog von Glocefter gum Ronig ausrufen und burch Gefete feine Brarogative in enge Schranten bannen, borte man unwillig fragen: Sollen wir bas Ibol, beffen Rieberwerfung fo viel Gut und Blut gefostet, von Reuem aufrichten? Und wie das "tonigliche Umt" so wurde auch bas Saus ber Lords als unnut und gefährlich beseitigt. Das auf bem Bringipe ber Boltssouveranetat berubenbe Unterhaus follte fortan als Barlament von England (Rationalconvent) mit ber bochften Macht und Staatshobeit bekleidet sein. Bon etwa 500 Mitgliedern, die vor neun Jahren in bas lange Parlament gewählt worden, waren nur noch 80 vorhanden; doch wurde diese Babl in der nachsten Beit durch neue Bablen und Ginberufung ausgestoßener ober ausgetretener Glieder auf 150 gebracht. Sprecher des Hauses mar Lenthall. Die ausübende Regierungsgewalt sammt bem Oberbefehl über die Land- und 14. Bebr. Seemacht wurde einem Staatsrath von 42 Mitgliedern übertragen, beftebend aus Angehörigen des Unterhauses, funf Lords, einigen Oberrichtern und Militar. beamten, unter ihnen Cromwell. Den Borfit führte Bradiham, ihm folgte im Rang ber Lord-General Fairfag, Prafident des Armeeraths; qu den Secretaren gehörte der Dichter Milton, der burch feine schwungvollen Flugschriften gegen Bralatenthum und absolute Ronigsmacht jum Siege feiner Gefinnungsgenoffen so wefentlich beigetragen hatte und ber jest burch feine freiheitbegeifterten Rechtfertigungsschriften die Sache seiner republikanischen Freunde mit folder Singebung verfocht, daß er darüber fein Augenlicht verlor. "Durch feinen Busammenhang mit bem Parlament und feinen rudwirkenden Ginfluß auf daffelbe betam ber Staatsrath das Ansehen einer compatten Autorität, in der die Kulle der Macht ruhte." Rein Rönig hatte jemals eine folche Bereinigung executiver Gewalt befeffen. Diefer neuen Regierung "ohne Ronig und Oberhaus" mußte jeder über fiebengehn Sahre gablende Englander ben Gid der Treue leiften. Reichssiegel wurde angefertigt mit der Umschrift: "im ersten Sahr der durch die Gnade Gottes hergestellten Freiheit" und brei Staatsrathen, darunter Bhitelod in Berwaltung gegeben. Diesem Rechtsgelehrten mar es auch zu verdanken, daß die Mehrheit der Oberrichter dem neuen republikanischen Staatswesen ihre Dienfte

widmete, nachdem das Parlament sie ihres früheren Gibes entbunden und die Erflärung gegeben hatte, daß die fundamentalen Gesetze des Reichs aufrecht erhalten und nach ihrem Inhalte Recht gesprochen werden follte.

Diefer oberfte Berichtshof befaßte fich mit allen Berbrechen und Bergeben Strafges gegen ben Staat, gleich ber fruberen Sterntammer, und übte ftrenge Juftig gegen Ro Royalisten wie gegen Rabicale. Zuerst traf bie Rache ber neuen Machthaber einige Manner von hobem Range, Die auf Seiten des Konigs geftanden und während ber Ummalzung ber monarchischen Ordnung in Baft genommen worden waren. Es waren Samilton, die Lords Holland, Capel, Goring und John Owen. Die brei ersten waren aus ben Reihen ber Opposition zu ben Royalisten übergegangen. Sie wurden von bemfelben Tribunal, bas über ben König gu Gericht geseffen, zum Tobe verurtheilt und brei von ihnen, Samilton, Solland und Capel öffentlich bingerichtet, Die ersten Martyrer bes Ronigthums, Manner 9 Mars von hoben Beiftesgaben und gemäßigten religiöfen Gefinnungen, aber als Abtrunnige von ber Sache ber Freiheit ben bermaligen Gewalthabern befonders verhaßt. Die andern verdankten ihr Leben der Berwendung von Hutchinson und Ireton. Auch die beiden altesten Sohne bes Konigs, die nach dem Continent gefloben maren, follten, falls fie bie Grenzen bes Reichs betreten wurden, ben Lod erleiden. Mit gleicher Strenge wurden die Gegner des neuen Regiments im andern Beerlager niedergehalten : nicht nur daß man durch lleberwachung ber Breffe und Bestrafung ber Aufwiegler ben agitatorischen Umtrieben zu begegnen juchte; als fich bei einem Theile der Armee abermals Spuren von Insubordination zeigten und die Ginschiffung nach Irland zur Unterbrudung ber in ber Gegend von Dublin ausgebrochenen reactionaren Bewegung wiederum auf Biderjeglichkeit ftieß; als jene Levellers, beren social - bemokratische Tenbengen wir früher kennen gelernt, mit ihren radicalen Forderungen von Reuem bervortraten, Rai 1848. ba fanden fie in Cromwell und in der neuen Regierung die fcharffte Burud. weifung. Bie fehr immer durch die religiofe Richtung der Beit die Begriffe von Meufchenrechten, von perfonlicher Freiheit und Gelbftbeftimmung, von ber Bleichheit aller nach Gottes Cbenbild geschaffenen Creaturen die Geister beherrschten, Cromwell und seine Genossen ließen nie die realen Berhältnisse der prattischen Belt aus den Augen, verloren fich nie in die utopischen Traumgebilde der Gleichmacher, die da erklarten, "daß das Eigenthum der Ursprung aller Sunde fei", daß man die "Sandichellen", welche die normannischen Eroberer einft dem angelsachsischen Bolte angelegt, durch neue Bertheilung von Grund und Boden abstreifen follte, daß man die gestörte Ordnung Gottes, welcher bei der Schöpfung ben Menichen jum herrn ber Erbe und ber Thiere bes Gelbes geicht, berftellen muffe. Als Rapitan Thomson bie Solbaten, welche fich bem irifden Feldzug widerfesten, um fich sammelte und mit bewaffneten Schaaren das Cand durchzog, murden er und feine Unbanger für Berrather erflart und von parlamentarischen Truppen verfolgt. Bon einem städtischen Regimente,

Beber, Beltgefchichte. XII.

tyen 14 bas mit einem radicalen Manifest fich berbormagte, wurden fünf Mann gum Tode verurtheilt und wie bor zwei Jahren einer, ben bas Loos getroffen, auf bem Plate erschoffen. Lilburne, ber Berfaffer bes Manifestes, murbe in Saft gefeht. Biele anderten ihren Sinn und ergaben fich; Thomfon felbft aber und einige feiner Genoffen wollten lieber im Rampfe für die demotratische Republit ihr Leben laffen als fich unterwerfen. Der flare Bille und energische Arm Cromwells banbigte biefe überschaumenben Rrafte, die aus dem revolutionaren Boden aufgeschoffen, und zwang fie, bem neuen Regimente bienftbar gu fein. Die Armee, wo biefe agitatorischen Elemente ihren Sit hatten, ging in fich; sie erkannte die geniale Rraft des Ueberwinders und fügte fich berfelben mit inftinctiver Begeisterung. Auf biefer Singebung bes Beeres an die Berfon bes Felbheren beruhte Cromwells Macht und Starte.

Ratholifthe

Die Berftellung ber Gintracht awischen Barlament und heer war eine Umiriebe in Brland. Lebensfrage für die Exiftenz bes englischen Gemeinwesens: benn in Irland und Schottland gab die hinrichtung bes Ronigs das Beichen au Abfall und Burgerfrieg. - Bir haben bie Lage bes irifchen Inselvoltes in ben früheren Blattern tennen gelernt; ber größte Theil ber Gingebornen trug mit Biberftreben bie Berrichaft ber Englander und war ftets geneigt, jur Abwerfung berfelben bas Schwert zu ergreifen. Bie oft war ihr Blid nach bem tatholischen Auslande gerichtet, bon wo fie Bulfe gur Erreichung diefes 3medes erwarteten, wie oft hat man bon Rom und Madrid bie Flamme des Aufruhrs angefacht und das erregbare bewegliche Bolt mit ber hoffnung bingehalten, Grun Erin könne bie Reffeln, mit denen es an den angeffächfischen Rachbar gefnubft war, zerreißen und ein eigenes tatholifches Ronigthum aufrichten.

Bahrend der Rampfe zwischen Barlament und Krone in England war diefe hoffunb bie Britinber. nung lebhafter als je geworden; die blutige Grauelthat wom 3. 1641 mar nur der vorzeitige Ausbruch der Leidenschaft und des nationalen Saffes, die in jenem hoffnungs. reichen Befühle murgelten. Seitbem mar bie alte Feindschaft größer als gubor und ber Ronig fcabete feiner Sache gegenüber dem Parlamente nicht wenig durch die geheimen Berbindungen, die er in den Tagen feiner Bedrangniß mit Irland unterhielt. Sein Agent Glamorgan ftellte bem tatholifchen Bolle bie Rudgube ber feit Beinrich VIII. eingezogenen Alofterguter und Bisthumer in Ausficht; und fein Statthalter James Graf Dr. Butler, Graf von Ormond, ein getreuer Anhanger des Stuart, jugleich aber ein vatermond und Duntes, Graf boit Dentom, die gerteuer Enguinger bes Stutte, gugtein uber ein better ber papftliche landifch gefinnter, ber anglicanischen Rirche ergebener Gbelmann, suchte durch einen

Ronig Raci

Runtine Friedensvertrag die Erlander fur die tonigliche Partei ju gewinnen. Allein icon regten fich andere Krafte mit weitergebenden Tendengen. Die zunehmende Berruttung in England wedte in den Papisten die alten Unabhängigkeitotbeen: unter ber Leitung des intriganten, jefuitifch gebildeten Runchus Giambattifta Rimuceini bereinigten fich bie eingebornen Ratholiten zu einer irifden Confoberation, welche die Serftellung ber Buftande wie fie bor ber Reformation gewesen, jum 3med hatte, die Infel bon ber englifden Krone lofen und unter die Protection des romifden Stuhles ober eines weltlichen Burften des tatholifden geftlandes ju ftellen gedachte. Aber biefe verratherifden Umtriebe ber Ultramontanen reigten ben Unwillen ber Royaliften und Spiscopalen im Bale,

ber altenglischen Colonie. Als nun auf Anftiften bes Runcius, welcher die Infel fur die tatholische Belt ju gewinnen trachtete, die Rativisten gegen Dublin jogen, um die 1647. englische Berricaft in ihrem Mittelpuntt zu treffen, mar in Ormond bas Rationalgefühl und das protestantische Bewußtfein ftarter als fein Royalismus: er ftellte ben Bale unter die Autorität des Parlaments und nahm presbyterianische Truppen in Dublin auf. Bon Ainuccini und ben Prieftern aufgeftiftet griffen nun bie Rativiften gu ben Baffen; aber fie erlitten eine Riederlage, durch die ihr Muth und ihre Kriegsluft gebrochen ward: durch die vermittelnde Thatigkeit der in Irland seshaften englischen Katholiten wurde nun auf einer Berfammlung ju Kilkenny wieder eine Bacification abgeschloffen, in Folge beren bas Ansehen bes Lord-Statthalters und der englischen 1618. Regierung von Reuem gur Geltung tam, bas Rebeneinanderbefteben ber beiben Confeffionen vertragsmäßig gefichert ward. Rinuccini tehrte nach feinem Erzbisthum Fermo gurlid, ohne für feinen allzugroßen Gifer von irgend einer Seite Dant verdient zu baben.

Bald nach diefen Borgangen drang die Runde von der blutigen Rataftrophe liftische Aufbon Bhitehall nach Irland und regte alle Gemuther machtig auf. Ormond, ein gand in mischiedener Royalift, wollte von der weuen Regierung "ohne König und Lorde" nichts wiffen; auf fein Betreiben murde ber Pring von Bales auf Grupd ber Friedensvertrage von Rillenun als Larl II. anerkannt und mit Begeisterung als Konig ansgerufen. Der Lord-Statthalter gebachte Irland gur Grundlage einer allgemeinen Restauration zu machen. "Es war, als wenn eine gunftige Strömung der Luft die Segel des wiedererwachenden Ronalismus anschwellte." Bie fehr bereute er es nun, daß er parlamentarische Truppen in die Hauptstadt gerufen hatte. Die beiden Rubrer Jones und Mont bielten treu zur Republit; der Statthalter hoffte, fie mit Gewalt vertreiben zu tonnen und auch bort die königlide Standarte wieder aufzupflanzen; waren doch neun Behntel ber Juselbewohner royaliftifch gefinnt; vor Kinfale lagen Schiffe vor Anter, auf benen Bring Auvert und viele flüchtige Cavaliere auf ben gunftigen Moment einer Landung warteten. Schon hatte Ormond Drogheda und Trim in seine Gewalt gebracht; in Connaught, Ulfter und Munfter geboten robaliftische und tatholische Befehlsbaber: jollte nicht auch bald Dublin ben Independenten entriffen werden? Der Bord-Statthalter rechnete darauf, daß die republikanische Regierung im eigenen Land so viele Geaper zu bekämpfen haben wurde, daß fie nicht an die Aussendung neuer Truppen nach Irland denken könne.

Aber Parlament und Staatsrath faben ein, daß fie zu ihrer eigenen Er- Grommell in haltung die "Consolidation ropaliftischer Streitfrafte" in der aufgeregten Rach. barinfel aus allen Kräften verhindern müßten. Daber ernannten fie den energis iden Cromwell, ber bas Bertrauen und die Singebung der Armee besaß, jum Lordstatthalter und legten mit Umgehung von Fairfag, der mehr und mehr gurudtrat, ben Oberbefehl in feine Dand. Nachbem die Fahnen, unter benen das Beer "dum Rampfe Gottes wiber die verblendeten Ratholiten in Irland" ausdiehen follte, von puritanischen Geiftlichen eingesegnet worden, verließ Cromwell die Hauptstadt in einer Staatskarosse von sechs flandrischen Mahren gezogen,

# 212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f.

umgeben von einer stattlichen Leibwache aus alten Offizieren, um sich in Milfordhaven mit 60,000 Mann auserlesenen Fußvolks und 5000 Reitern, meistenstriegsersahrene Beteranen nach Dublin einzuschissen. Die strengste Mannszucht wurde eingeschärft; Andachtsübungen fanden regelmäßig statt; Alles trug einen geistlich-militärischen Charakter. "Und Oliver siel auf Irland," heißt es bei Carlyle, "wie der Hanner Thor's und traf es mit einem zerschmetternden Schlag." Rachdem der neue Lord-Statthalter die Besahungsmannschaft von Dublin an sich gezogen, rückte er Anfangs September vor Orogheda, wo die Blüthe des

Rachbem ber neue Lord-Statthalter bie Befagungemannicaft von Dublin an 1849. fich gezogen, rudte er Anfangs September vor Drogheda, wo die Bluthe des ropalistischen Beeres unter einem entschloffenen Führer vereinigt mar. Rach brei Sturmen wurde bie Festung erobert und die gange Befatung bis auf den letten Mann niebergebauen. Rach einer oft wieberholten Erzählung ware Allen, welche bie Baffen niederlegen murden, Onade verheißen worden; Cromwell felbft aber melbet in seinem Schlachtbericht, baß er im Feuer ber Aftion verboten babe, Bemand zu iconen. Funf Tage lang rann bas Blut in ben Strafen von Drogbeda; als die Garnison erschlagen war, brangen die Solbaten, von Fanatismus und Rachgier getrieben, in die tatholifche Stadtfirche, wo über taufend Einwohner Schut gefucht; fie alle wurden mit ber Scharfe bes Schwerts getroffen; was noch athmete, ftarb in ben Rlammen bes angezundeten Gebaubes. Durch folde Gewaltsamkeit wollte ber puritanische General die Blutthat von 1641 rachen und jugleich von jedem weiteren Biderftand abichreden. Achnliche Graufamkeiten wurden in Berford und andern Orten begangen. Ueber Blut und Leichen ging bes Siegers Beg, um bas "gerechte Bericht Gottes" zu erfüllen. Der Schreden, der vor Cromwell bergog, batte die Birtung, daß die Bereinigung ber Parteien, die Graf Ormond unter bem toniglichen Banner ju Stande gebracht, fic löste, daß die tatholischen Eingebornen, von religiösem und nationalem Dag entflammt, fich von den Royaliften englischer Abtunft trennten, Diefe dagegen, durch ein "unwillfürliches Raturgefühl" bem gemischten Beere Ormonds entfremdet, fich mehr und mehr an ihre republikanischen Landeleute anschloffen. Das Stammgefühl zeigte fich mächtiger als die Anhänglichteit an bas Rönigthum. Der Rrieg nahm baburch wieder einen national-religiöfen Charafter an und wurde um fo unverfohnlicher und leidenschaftlicher. Aber einen großen Erfolg batte Cromwell boch erzielt, als er im Mai bes nachsten Jahres die Infel berließ, um

Arland unterworfen unterworfen Derbefehl übergab, schritt auf derselben Bahn sort; die Irlander wagten nirgends der in ruhigem Schritte vorrüdenden im Handgeschüß geübten Reiterei zu widerstehen.

Baterford, Limerick, Galman sielen in die Hand der Republikaner. Als Ireton durch einen schnellen Tod dahingerafft ward, vollendeten Fleetwood, Cromwells anderer

has Hauptland gefnüpft.

seine Baffen nach Schottland zu tragen: Er hatte die englische und protestantische Bevölkerung, die durch die Chrfurcht für den königlichen Namen auf die feindliche Seite getreten war, mit der Republik versöhnt und die Insel fester an Cidam, und Comund Ludlow, bas begonnene Bert in abnlichem Geifte. In brei Jahren war der gefährlichste Aufstand erftidt; aber Irland war ein entvollertes von rechtlofen Bettlern bewohntes Land. Als bas Schwert rubte, muthete ein hoher Berichtshof mit Beil und Berbannung gegen die Boltshauptlinge; Taufende verließen das Land ihrer Bater und suchten in den tatholischen Landern Curopa's und in Amerita neue Bohnfige, alle Rriegsgefangenen und eine große Bahl von Beibern und Rindern wurden nach Beftindien gebracht und in Jamaica wie Sclaven auf den Buder- und Tabatsplantagen verwendet. Die Burudgebliebenen verloren den größten Theil ihrer Sabe an englische Rolonisten, und die Bevolkerung ganger Diftricte murde in andere Gebiete verpflangt; alle tatholifden Geiftlichen mußten bas Land meiden; ber romifche Cultus wurde verboten und seine Anhanger aller Memter für unwürdig erklart. Fortan blieb in Irland Alles auf dem Rriegsfuß. Aber trop aller Barte und Gewaltthat überftieg die tatholifche Bevollerung die protestantische noch um das Siebenfache. In Maldern und Moraften verbargen fich die Berfolgten, borchten mit fnirichendem Ingrimm auf die Borte ihrer Briefter und fielen raubend und mordend über die Befigungen ber Unfiedler ber. In Irland nannte man fie Tories.

Much die royaliftifden Freibeuter, die unter Bring Rupert und feinem Bruder Moris liften gur von den Scilly-Inseln aus einem Piratentrieg gegen die englische Republit führten und Cee beihren Bandel fcabigten, fühlten den neuen Aufschwung des Freiftaats. Robert Blate, 3wungen. aus Somerfetshire, ein Beld ju Land wie jur See verfolgte die feindlichen Schiffe bis an die Rufte von Spanien und Portugal. Ronig Johann IV. mußte den pfalzischen Bringen jeden Beiftand in feinem Gebiete verfagen. Im Safen von Carthagena gerftorte der englische "Flottengeneral" den größten Theil der feindlichen gabrzeuge. Bum erftenmale befuhren englische Rriegsschiffe das Mittelmeer, den Anwohnern die aufftrebende Racht des meerumgurteten Gilandes verfundend. Bon den Regierungen des füdlichen Europa aufgegeben, wandten sich die Söhne der Stuartschen Böhmenkönigin Elisabeth nach ben Azoren, nach den afrikanischen und westindischen Gewässern: dort ist Moriz in einem Schiffbruch umgekommen, Rupert aber fuchte mit einem einzigen Schiffe dine Buflucht in Frankreich. Darauf wurden die von Rlippen umftarrten Felfeneilande am atlantischen Ocean, die durch ihre Festigkeit den englischen Royalisten eine gesicherte Buffucteftatte ju Biratenjugen gegen die Republit boten, von dem englifden Seehelden mit fowerem Gefchus angegriffen und ju Falle gebracht : St. Mary, aus bem Bring Commer Aupert ein neues Benedig zu machen gedacht, vermochte den Feuerschlunden Blates nicht 1651. ju widerfteben ; auch Carteret, ein energischer Royaliftenführer, ber von Berfey aus mit allerlei Bolt einen Freibeutertrieg unterhielt, fab fich endlich jur Capitulation gezwungen.

Die ropaliftifche Erhebung in Irland wirfte auf Schottland jurud und Die Bechiet erzeugte auch bort einen Umschwung ber Gemuther. Doch dauerte es geraume Scottland Mort Beit, ebe die konigliche Bartei offen gegen die englischen Republikaner auftrat. rofe. Die Covenanters unter ber Führung von Arable hielten auch nach der Hinrichtung bes Ronigs an ber Staats- und Rirchenordnung feft, die mabrend Cromwells Anwesenheit in Sbinburg aufgerichtet worden war. Als Graf Montrose, der romantische Borfechter des Royalismus mit einem Anflug von Abenteuerlichseit, an ber Spite einiger beutichen und banischen Solbnerhaufen an ber beimathlichen Rufte landete, um feinem Ronig "die Ezequien ju halten mit bem Schmettern ber Erompeten und die Grabschrift zu schreiben in Blut;" fiel er durch schnöden Berrath in die Bande seiner presbyterianischen Gegner, die ihn wegen Bruchs des

١

Covenants zu einem schmählichen Tod verurtheilten. Der ritterliche Mann, der, wie er feinen Richtern ins Angeficht fagte, tein anderes Berbrechen begangen, als daß er Gott gefürchtet und ben Ronig geehrt, wurde in ichimpflichem Aufzug burch bas Land und die Strafen Cbinburgs geführt und bam an einem hoben April 1660. Galgen aufgeknüpft. Sein Haupt und seine Glieber wurden abgehauen und zur abichredenden Barnung über ben Thoren ber vier größten Stadte Schottlands befestigt. Dit bem ftolgen Blid eines triumphirenden Selben fab man ihn auf feinem letten Gange einberichreiten.

Rarl II. nad

Und boch war auch in Schottland die royalistische Gefinnung die vorherr-Schottland und bouy tout unch in Schottland auf die Enthauptung des berufen, schende, selbst die Covenanters blidten mit Abscheu auf die Enthauptung des Rouigs, der von ihrem Stamm und Blut mar; die Idee der Bolkssouveranetat als einziger Quelle ber Staatshoheit, wie die englischen Machthaber fie zur Rechtfertigung ihres Staatsftreiches aufgestellt, war eben fo wenig wie die Lehre von unbedinater religiöser Tolerang nach bem Sinne ber Schotten. Diefe suchten vielmehr die Rationalsouveranetat und das gottliche Recht bes Ronigthums ju vereinigen, Rirche und Staat in ber innigsten unmittelbaren Berbindung ju halten, die beiden Institute mit der Krone an der Spige als gottliche Einrichtung, als harmonische Beltordnung zu faffen. Die Ranner, welche in Schottland im weltlichen und geiftlichen Regiment fagen, kamen baber wie die irifchen Royaliften ju bem Entichluß, bas Ronigthum wieder aufzurichten, aber mit ber Bedingung, daß ber Monarch ben Covenant annehme und ber presbyterianischen Rirche beitrete. Abgeordnete beiber Stande begaben fich ju bem Ende nach Breda, wo Rarl, ber Eefigeborne bes enthaupteten Ronigs weilte, und luben ihn nach Sbinburg ein, um bie Rrone feines Baters in Empfang zu nehmen und die Pratogative eines Ronigs bon Großbritannien und Irland auf Grund des fruber mit bem Parlamente in London vereinbarten "Bunds und Covenants" auszuüben. Der Fürst trug Bedenten, Bedingungen einzugeben, Die nicht nur seiner Ueberzeugung und ben Traditionen feines Saufes wiberftrebten, die ihn auch mit ben Ratholiten und ben Befennern ber bischöflichen Rirche in Gegensat ju bringen brobten; erft bas Bureben seiner Mutter und seines Schwagers bewog ibn, auf die Borfchlage ber Schotten einzugeben. Auf Fahrzeugen, die ibm ber 24. Juni Statthalter Wilhelm geliehen, schiffte er fich ein. Am 24. Juni betrat er bie 1640. Rufte am Ausstuß bes Spep, nachdem er noch auf bem Schiffe ben von ben

Beiftlichen ihm vorgelegten Gib auf League und Covenant im ftrenaften Bortlaut geleiftet. Darauf burchzog er bas Land; wohin er tam mußte er stundenlange Bredigten anhören über die Sunden und Frevelthaten feiner Borfahren und über seine Pflicht als Fürft, in weltlichen Dingen dem Rathe bes Parlaments, in firchlichen bem bes Synobalausschuffes zu folgen und ben Covenant in ben brei Reichen jur Ausführung ju bringen.

Die Rudberufung Rarls II. nach Schottland mar eine Rriegserklarung an fdottif bet Belding Parlament und Staatsrath in England. So faßten diese das Creignis auf und

gogerten nicht mit ihrem Entschluß. Cromwell wurde aus Irland abberufen und als Lord-General an bie Spipe ber Armee geftellt, nachbem man die gum Bredbhterianismus hinneigenden Clemente ausgestoßen. Fairfag, beffen gemäßigte Baltung ben tubnborftrebenden Republitanern nicht genügte, mußte hinter bem energischeren Baffengeführten gurndfteben. "Er befand fich in der unseligen Lage eines Menfchen, ber fich jum Bertzeug bat brauchen laffen, und die Refultate feiner eigenen Sandlung endlich verdammen muß." Im Juli überfchritt Cromwell den Tweed mit 16,000 Mann, meiftens friegsgenbte Beteranen. feindliche Armee viel ftarter an Bahl hatte unter bem Oberbefehl von David Leslet eine fefte Stellung auf ben verschanzten Boben awischen Sbinburg und Dunbar genommen, wo ihr Cromwell nicht beifommen konnte.

Che man ju Feindseligfeiten fdritt, wurden von beiden Seiten Ansprachen im Religioie Ramen der Arinee verbreitet, worin mit bielen gottseligen Rebensarten geflagt mard, beiben daß der andere Theil durch fein friedlofes Auftreten den Brudertrieg herbeigeführt und Geeren. den alten Bund gebrochen. Das englische heermanifeft, gerichtet an Alle, "welche den Glauben der Erwählten Gottes theilen", verficherte, "daß fie in der Furcht Gottes und mit einem Bergen boll Liebe und Mitteiden ihren Rriegszug antraten", ju bem jene durch ihr feindseliges Beginnen fie genothigt; auf schottischer Seite murde sowohl von der Rirchencommiffion als von den Offigieren die Reinheit ihrer religiöfen Intentionen hervorgehoben : "fte ftanden nur infofern fur die Sache des Ronigs ein, als biefer die Sache Gottes zu feiner eignen mache und ber Biberfetlichkeit feines Baters gegen bas Bert Gottes abfage; für das Ronigthum im Berein mit dem Covenant wollten fie ihr Leben einfelen."

Rarl, ber fich bei der Armee eingefunden, mar in einer peinlicheren Lage als Carl 11 im einft fein Bater in Rewcaftle; Die gablreichen Geiftlichen im Lager nothigten ben Geerlager. jungen Fürsten, deffen Ratur der puritanischen Rigorofität so fehr widerstrebte, ihren Gebeten und endlosen Bredigten anzuwohnen; fie verlangten von ihm eine ausbrudliche Erflärung, bag er fich losfage bom fundigen Thun des Baters, von dem abgöttischen Befen seiner Mutter, wodurch der Born Gottes auf seine Ramilie berabgezogen worden. Er weigerte fich Anfangs; als man ihm aber brobte, daß ihn dann die Rirche aufgeben wurde, unterzeichnete er die Erffarung und gab außerlich feine Buftimmung zu einem Betenntniß, bas er im Bergen verabschente. Die Geiftlichen führten das große Bort; fie bewirkten, baß Alle, beren religiöfe Gefinnung nicht gang zuverläffig ichien, aus der Armee ausgestoßen wurden, bamit Gott fein Angesicht nicht von ihnen wende. Dieselbe Glaubigkeit herrschte auch im andern Beerlager; an ber unmittelbaren Ginwirtung Gottes zweifelten bie Independenten fo wenig als die Presbyterianer. Gleich ben Rindern Israels bielten beibe fich fur die Auserwählten bes Berrn und beteten mit gleicher Inbrunft zu Gott Bebaoth.

Uebrigens waren bie Schotten Anfangs im Bortheil : Besley vermied bie Die Schlad-Belbichlacht, ju ber ihn ber Gegner zu bewegen fuchte, und hielt fest in feinen 3. Sept. berichangten Bofitionen, mabrend bas englische Beer burch Mangel an Lebenemitteln und burch Rrantheit schwer litt und viele tapfere Streiter babingerafft ober

tampfunfähig gemacht wurden. Um nicht von der Berbindung mit England abgeschnitten zu werben, ordnete Cromwell ben Rudzug gen Dunbar an. Dant einem dichten Rebel und ber einbrechenden Dunkelbeit ber Racht entaing er bem verfolgenden Feinde. Entmuthigt und in erbarmlichem Buftand bezog feine Urmee ein Felblager vor ber Stadt. Die Schotten erwarteten mit Sicherheit einen fiegreichen Ausgang. Aber es berrichte Bwiefpalt in ihren Reiben. Der bedächtige Lesley wollte in seiner Stellung beharren und den Feind mit Schingpf abziehen laffen, um ihm bann nach England nachzufolgen, "die Sommerquartiere ber Englander in Schottland burch Binterquartiere ber Schotten in England gu vergelten;" bie andern bagegen, an ihrer Spite die Beiftlichen, maren ber Deinung, man muffe ihn noch enger einschließen, bamit er nicht entrinne, "beun Sott habe ihn in ihre Bande gegeben wie Agag ben Amalefiter in bie Bande Saule". Das Gelbstvertrauen ber Rriegsleute und die Weltluft bes Ronigs und feiner Umgebung, die burch das Lagerleben genährt wurden, war ihnen anftogig geworden. Ihre Ansicht brang im Rriegsrath burch, die militarischen Gefichtspunfte mußten bor den geiftlichen Antrieben gurudweichen. In getrennten Abtheilungen stieg bas schottische Beer von ben Soben in die Thalschlucht berab, um ben Reind vollends einzuschließen. Als Cromwell bie Bewegung im presbyterianischen Beerlager erblidte, foll er ausgerufen haben : "Sie tommen hernieder, der Berr bat fie in unfere Banbe gegeben!" Sein Scharfblid ertannte ben ftrategischen Fehler des Gegners; er beschloß jum Angriff vorzuschreiten und murde burch die Buftimmung bon Mont und Lambert in diefem Borhaben bestärkt. Unter bem Sturm und Bellenandrang bes Meeres rief er ben Seinen gu: "Betet und haltet 3. Cont. cuer Bulver troden!" Go erfolgte die Schlacht von Dunbar am 3. September, Cronwells Geburtstag. Fruh am Morgen festen fich die Independenten in Bewegung; bas Bewußtfein von der Bichtigkeit des Tages erhöhte ihren Muth und ihre Rampfesluft. "Der Berr ber Beerschaaren", erschallte es auf ber einen Seite, "ber Covenant" auf der andern. Als die Sonne emporftieg, rief Cromwell mit den Borten des Pfalmisten aus: "Nun mag der Berr fich erheben und feine Feinde gerftreuen!" Mit erneutem Muthe brangen Langentrager und Reiter borwarts; es dauerte nicht lange, so war der rechte klügel und die Kronte der Schotten im Beichen; ber linte Flügel, burch einen weiten 3wifchenraum getrennt, tounte nicht rechtzeitig eintreffen. Balb mar auch biefer jur Flucht genöthigt. Bei breitausend tapfere Rriegsmanner lagen erschlagen auf bem Baffenfeld; bei neuntausend murden als Befangene weggeführt; Geschut, Munition, Bepad fielen in die Bande bes Cromwellichen Beeres. Darauf tehrten die Independenten "zu ihren Begelten" jurud, um Gott für ihre Erlösung zu banten; Die schottischen Prediger aber schrieben ihre Riederlage bem Born bes Berrn über bas fündhafte Treiben der Rrieger zu.

Die Giferer fingen an ju bereuen, baß fie ben Ronig berbeigerufen; fie Die ultrazweifelten an feiner aufrichtigen Singebung für ben Covenant; um feiner Beuchelei willen habe Gott das Strafgericht von Dunbar über fie tommen laffen; es bilbete nich eine neue Confoderation von ftrengen Covenanters, welche bas demofratische Pringip der "Rirt" auf die Spige trieben: ohne bem Grundfag einer herrichenden Rirchenform und einer monarchisch-parlamentarischen Staatsverfassung untreu ju werden, tamen fie den republikanischen Ideen doch febr nabe. Es machte Cindruck auf fie, daß Cromwell, als er im Ottober in die Hauptstadt einzog, vom Sbinburger Schloffe aus die Aufforderung erließ, fich der Entscheidung Bottes zu unterwerfen, die burch die Schlacht von Dunbar offenbar geworden.

Die extreme Richtung ber "Remonftranten" fand indeffen nur wenig Untlang; gronung. jowohl die Rirchencommission als der Abel sprach fich bagegen aus; ber Befehls. haber der Edinburger Felfenburg hatte den zelotischen Beiftlichen vorgeworfen, baß fie an bem Unglud bes Landes die meifte Schuld trugen, "ba fie ftatt Belfer des Bortes herren über Gottes Bolt fein wollten". Bielmehr erfolgte ein Umichwung ber Gefinnungen ju Gunften bes Ronigs. Argole und die gemäßigten Covenanters naberten fich ben Robaliften, fo bag Rarl, ber nach ber Schlacht von Dunbar hatte entflieben wollen, nun mehr Ansehen als je erlangte. Am Reujahrstag wurde er ju Scone nach altherkommilicher Beife gefront, wobei er 1. Jan. 1851. noch einmal die presbyterianischen Glaubensfage beschwor; die früher wegen ihrer ropaliftischen Reigung aus ber Armee Gestoßenen durften wieder eintreten. Bei Stirling fammelte fich ein neues tampfbereites Beer unter Rarls eigener Führung; auch viele flüchtige Royalisten aus England fanden sich ein. Cromwell jog von Edinburg aus gegen fie; in Perth murde er von einer Rrantheit befallen, 3uli - Mug. die seine triegerische Thattraft labmte; bennoch behauptete er bas Geld. Der herr ber Heerschaaren, der von Presbyterianern wie von Independenten unter Fasten und Beten und mit inbrünftigem Lippendienst angerufen ward, war mit den Ruhnen und Starten.

Da schritt Rarl unerwartet zu einem gewagten Unternehmen: von Roba- Karl II. in liften und Emigranten aufgestiftet rudte er mit einer Armee von etwa elftausend Mann bei Carlisle über die englische Grenze und rief die Anhanger des Ronigthums zu feinem Beistande auf. Ein Bappenberold proclamirte ihn als Rarl II. König von England. Ungehindert tam er bis Borcester, wo ihm der Magistrat die Stadtthore öffnete. Das tuhne Unterfangen bes jungen Fürsten war geeignet, die Royalisten des Nordens aufzuregen; mancher folgte dem Ruf und stellte sich mit einigen Getreuen bei ihm ein, fo Howard von Escrif und James Stanley Carl of Derby, der auf der Jusel Man eine unabhangige Stellung behauptete. Aber die Bahl war nicht groß: Ueberraschung, Furcht und Unschlüffigkeit hielt die meisten ab, Gut und Leben aufs Spiel zu feten. Und schon war Cromwell binter ihm her, froh den Gegner im eigenen Lande bekanpfen zu konnen. Rach. dem er sein Heer mit varlamentarischen und independentischen Truppen, die

mabrend bes Rrieges in allen Grafichaften organifirt worben waren, verftartt, Schlacht bei jog er gegen ben Feind und brachte am Jahrestag ber Schlacht von Dunbar bei 3. Sept. Worcester bem schottisch-ropalistischen Heere eine vollständige Riederlage bei. Das Blut von Tausenden sloß an den schönen Usern des Severn; was nicht auf ber Bablftatt blieb, gerieth in Gefangenichaft.

Rarl auf ber Blucht.

Der Tag bei Borcester machte Rarl zu einem beimathlosen Flüchtling, auf deffen Fahndung bas Parlament einen hohen Preis feste. Unter taufend Gefahren. Rothen und Abenteuern entging er burch die aufopfernde Ereue des Bolts und die tief wurzelnde Anhanglichkeit an ben toniglichen Ramen ben Rachftellungen ber feindlichen Reiter, die ihm oft genug auf der Spur waren. Ber bat nicht von ber "toniglichen Giche" gebort, in beren bichten Zweigen und Blattern ber Flüchtling fich verborgen bielt? Biele Berfonen wußten um bas Geheimnis, und bennoch entfam Rarl gludlich und unentbedt nach ber Meerestufte, von wo ibn eine Barte über den Ranal nach ber Rormandie trug.

Strafge-

Ueber ben ropaliftischen Abel ergingen barte Strafgerichte. Bord Derby mußte mit bem Leben bugen; viele feiner Gefinnungegenoffen verloren ibr Bermogen; die Aronguter murben zu ben Ariegstoften berwenbet, die toniglichen Schlöffer, Garten und Runftfaminlungen bertauft. Aehnlich murbe in Schottland verfahren; Georg Mont, ein erfahrener Rriegemann, der einft unter Ariebrich Beinrich von Oranien ben Baffendienst gelernt, ben Cromwell als Befehlehaber gurudgelaffen, eroberte Dundee mit fturmender Sand und ließ die Solbaten rauben und morben; die Baupter bes Staats- und Rirchenregiments fielen in feine Banbe und wurden als Gefangene nach England gefchict; bis in die Bochlande brang er mit seinem flegreichen Beer bor. Durch Spaltung geschwächt, durch die Baffen der Republikaner befiegt, durch Festungswerke und ein ftrammes Militarregiment eingeschnurt, mußten fich die Schotten ber ftarteren Macht beugen und mit ber englischen Republit die Bereinigung foliegen, welche das Stuart'iche Königthum vergeblich zu begründen gesucht. Bon Dalkeithhouse wo der Reidherr mitten im Bart feine Bohnung nahm, regierte Mont Schott-Aber die Gingiehung der Rronguter, die umfaffenden Confiscationen ber ropaliftifchen Befigungen, die neuen Anfledelungen in ben wenig bevollterten gand. ichaften gaben Beugniß, daß die Union nicht als eine zwischen Gleichberechtigten abgeschloffene Bereinbarung angeseben werden tonnte, bag die republifanische Regierung das nördliche Nachbarland nicht minder als eine eroberte und unterworfene Proving anfah, wie Irland. "Bum erften Male ward Britannien burch einen einheitlichen Gebanken in bem gangen Umfreis ber alten Grenzen beherricht." Und feit die pfalgischen Bruder und ihre Genoffen von ber See verjagt und bie Infeln, die den Cavalieren als Schlupfwinkel für ihre Piratenzuge Dienten, erobert waren, nahm die Republit auch eine gebietende maritime Stellung ein. Der erfolgreiche Sang bes Rrieges mit ben Riederlanden gab biefer maritimen Machtstellung Sicherheit und Dauer.

Mit der Republik der niederlandischen Generalstaaten beabsichtigte die Re- grieg mit ben Riebergierung des britischen Gemeinwefens Unfangs in ein Bundesverhaltniß zu treten. landen. Beruhte boch bas politische und religiose Leben beiber Staaten auf abnlichen Grundbedingungen. Eine Confoderation ber beiden protestantischen Republiken batte eine ftarte Gegenmacht gebilbet gegenüber ber tatholifch-monarchischen Belt der Romanen. Es war sogar von einer Bereinigung zu einem einzigen Staatswefen die Rede, "um gemeinschaftlich bas Reich Gottes auszubreiten und die Boller von ihren Thrannen zu befreien". Aber die flüchtigen Royaliften, die fich in großer Menge um den Stuartichen Ronigsfohn gesammelt hatten und an dem Statthalter Bilhelm II. dem Schwiegersohn des hingerichteten Stuart einen Bonner und Beschützer fanden, vereitelten das Borhaben und streuten die Saat ber Zeinbichaft. Gie ermorbeten ben Rechtsgelehrten Dorislaus, einen gebornen Bollander, der bei dem Prozesse Rarls I. mitgewirkt hatte und von der republitanischen Regierung ber englischen Gesandtichaft im Saag beigegeben mar, wegen "tonigsmorderischer" Gefinnung in einem Gafthaufe, ohne daß die Thater beshalb Mai 1649. befraft ober ausgewiesen wurden. Eine folche Beleidigung durfte die republitanische Regierung nicht bingeben lassen, zumal ba der Statthalter auch zur See den Cavalieren in ihrem freibeuterischen Treiben allen Borfchub leistete und die hollandische Regierung auch nach bem Tode Bilhelme II. in ihrer abweisenden isso. Baltung beharrte. Barlament und Staatsrath ergriffen baber eine Magregel. die geeignet war fowohl ihre eigene Sandelsmarine in die Sobe zu bringen als die Hollander, die als Frachtfahrer den Beltvertehr beherrschten und das Uebergewicht in allen Meeren hatten, aus diefer Stellung zu brangen. Sie ließen die berühmte Ravigationsalte vom 9. Oftober ausgehen, wonach fortan die Produkte 9. Die. 1861. frember Belttheile nur auf englischen Schiffen eingeführt werben durften, Auswartige keine anderen Baaren als felbsterzeugte auf eigenen Fahrzeugen nach England bringen follten, bei Strafe ber Confiscation von Schiff und Ladung. Als die Bemühungen ber Rieberlander, um Burudnahme ober Sufpenfion ber Shiffahrteatte, die ihrem Zwischenhandel einen furchtbaren Schlag zu versetzen drobte, fruchtlos blieben, die Englander vielmehr auch noch das Recht ansprachen, auf ben bollandischen Fahrzeugen nach bem Gute ihrer Reinde Rachsuchung zu halten; ba führten einzelne Reindseligkeiten im Canal zu einem allgemeinen Arieg, wie fehr auch die Puritaner der gemäßigten Richtung den Rampf zwischen Mai 1652. Confessionsverwandten beklagten. Anfangs behaupteten die Hollander ihren alten Rubm im Seefrieg : mehrere bedeutenbe Schlachten wurden gewonnen und die hollandischen Seehelden Tromp und be Rutter und neben ihnen Evertsen und de Bitt befuhren die Themse und verwüsteten die Gestade. Auf Tromps Maft fah man einen Befen als Beichen, daß er das Meer zu fegen gedente. Aber balb nahm bas Seewesen, bas von den Stuarts vernachläsigt worden, einen mächtigen Aufschwung, die Tage ber Armada kehrten wieder. Der englische Admiral Robert Blate, ein Mann von altem Republitanerfinn und rauber

Tugend, der flaffifche Bilbung und puritanischen Religionseifer mit boben Rriegstalent und unverwüftlicher Thattraft verband, trug in mehreren Aftionen ben Sieg babon. In ber großen Seefchlacht auf ber Bobe von Scheveningen, 6-10. Aug. die drei Tage bauerte, wurde Martin Tromp, der von Kindesbeinen an auf der

Salgfluth gelebt, von einer Flintentugel ins Berg getroffen. Auch Blate mar verwundet und mußte bom Commando abtreten; aber Georg Mont, im Landund Seetrieg gleich erfahren und gleich gludlich, bermehrte Englande Ruhm und Machtstellung durch neue Siege.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ber Riederlande, die mehr als taufend Schiffe eingebußt und in ihrem Sandel schwere Berlufte erlitten,

15. Abr. mußten einen nachtheiligen Frieden ichließen. Die Stande von Golland, wo die republikanisch-aristotratische Faction unter ber Rührung von Johann de Bitt die Oberhand batte, verpflichteten fich burch bie "Seclusionsatte" ben Bringen von Dranien weber jum Admiral noch jum Statthalter der Proving zu mahlen und auch seine Babl zum Generalcapitan über bie Rriegsmacht ber Generalftaaten nach Rraften zu verbindern fowie alle Stuarts aus bem Lande zu weifen. Die Schiffahrteatte aber blieb bestehen und ber niederlandische Freistaat mußte Die Sobeit der englischen Blagge in den britischen Gemaffern anerkennen und feinen Schiffen auferlegen, ben englischen ben Seegruß zu bieten. Fortan mar bie eng. lische Alotte mit ihren großen Schiffen und brongenen Ranonen die Gebieterin der Meere.

Rrieg gegen Spanien. Aber noch hatte man mit ber erften Großmacht, mit Spanien abzurechnen.

Anfang ber Auch in Madrid war einst ein Agent des Barlaments Anton Apscam (Afham) ngerspera Seebere von flüchtigen Ropalisten in einem Gasthaus ermordet, die Schuldigen von der Rirche vor Beftrafung gefcutt worden. Die gange Ration pries die Thater gladlich, daß fie folche Rache ausgeführt, und ber Minister be Saro beneidete ben englischen König, daß er fo lopale Unterthanen habe. Diefe Beleidigung ber republifanischen Regierung vergaß man ben Spaniern nicht. Doch bauerte es noch einige Jahre, bis es jum Krieg tam, weil man fich in Bruffel wie in Madrid Mühe gab, ben Eindrud zu verwischen und mahrend der friegerischen Berwidelungen mit Frankreich, die uns aus früheren Blattern befannt find, die englische Regierung in gunftiger Stimmung ju erhalten. Bir wiffen bag bie beiben hadernden Machte um Cromwells Bundesgenoffenschaft buhlten. Aber mit ber Beit vereinigten fich mehrere Umftande, welche die in beiden Rationen wurzelnde religiofe und politische Antipathie bis zur friegerischen Action aufstachelten. Die Londoner Regierung, die mittlerweile ganglich unter Cromwelle Leitung gekommen war, verlangte, daß ben Englandern freier Sandel in ben spanifchen Colonien und Sicherheit vor ber Inquifition gewährt werde. Davon wollte man in Madrid nichts horen; eben so aut, meinte der spanische Gesandte, konnte man die beiden Augen feines Ronigs fordern. Bugleich legten die Spanier ben englifchen Anfiebelungen in Bestindien Schwierigkeiten in den Beg; fie hielten immer noch an ber papftlichen Entscheidung fest, welche die neue Belt einft ihnen

und ben Portugiefen jum ausschließlichen Befit jugetheilt. Bie wenig Geltung aber hatte diefer Ausspruch in ben Augen ber Independenten! Go beschloß benn Cromwell in die politische Bahn einzulenken, welche die Ronigin Elisabeth eingeschlagen. "Es war, als wolle er ben Untergang Balter Raleighs zugleich an den Stuarts und den Spaniern rachen, als treibe der seemannische und religiose Beift ber Ration ihn burch dunkeln Impuls vorwarts." Zwei Abmirale von Ruf, Blate und Billiam Benn segelten in bas atlantische Meer; beibe gehörten Derbr. 1854. nicht zu den unbedingten Anhangern Cromwells, denn die Flottenmannicaften, aus Leuten verschiedener Anfichten ausammengesett, bewahrten eine gewiffe Gelb. ständigkeit, fie waren, wie Clarendon fagt, "eine Ration für fich". Aber über ben großen vaterfandischen Intereffen, benen beibe mit ganger Seele ergeben waren, traten bie politischen Antipathien gurud. Der Anfang mar feineswegs ermuthigend; ein Angriff, ben Benn in Berbindung mit Robert Benables, dem Apr. 1855. Anführer ber Landtruppen auf Santo Domingo unternahm, wurde mit Berluft jurudgefchlagen; bagegen bemächtigten fie fich ber Infel Jamaica, bie fortan inmitten ber spanischen Bflanzungen ein wichtiger Salt- und Mittelpunkt für die englischen Anfiedelungen in Beftindien geblieben ift. Und auch in ben europa. ischen Gemäffern war die englische Marine im Bortheil. Cabir und Malaga fühlten die Rraft der britischen Ranonen; im Berbft 1656 griff Blate an der Mundung des Tajo die aus America heimkehrende Silberflotte der Spanier an und lieferte große Geldsummen in ben Tower ab. Bon ber Allianz mit Mazarin, welche bie Erwerbung der wichtigen Seeftadt Dunkirchen fur die Republik zur Folge hatte, ift früher bie Rebe gewesen (S. 86). In ber entscheibenden Schlacht auf den Sandhugeln der Dinen erregte die Tapferteit und ber Rriegsmuth ber Soldaten Cromwells sogar die Bewunderung des Herzogs von Bort, der in den Reihen ber Spanier gegen fie tampfte. Alle Staaten bes Mittelmeers empfanden ben machtigen Urm des republikanischen Infelreichs. Toscana und ber Rirchenitaat, welche einft ben pfalzischen Brinzen und ihren royalistischen Genoffen Boricub geleiftet, wurden von Abniral Blate zur Entrichtung namhafter Entschä-Digungelimmen gegrungen. Dit ben Malteferrittern, welche bie Grenglinie grubfabr swifden Schiffabrt und Seeraub nicht immer einhielten, ward ein ernstes Bort gesprochen und ihnen nachbrucklich eingeschärft, daß fie in Butunft die Proteftanten nicht gleich den Mohammedanern behandelten. Auch die Corfaren in Rordafrica follten fühlen, daß eine ftarte Seemacht über die Bewäffer dabin fubr. Als der Det von Tunis die Auslieferung gefangener Englander verweigerte, ließ Blate feine Ruberboote bis in den Safen vordringen und die gange Seerauberflotte in belle Rlammen aufgeben. Erfdredt burch folche Buchtigung boten bie Corfarenfürften von Algier und Tripolis die Band zu Bertragen. Auch Ronig Johann IV. von Bortugal unterzeichnete noch am Ende feiner Regierung einen Bandelstractat, in welchem den englischen Seefahrern und Raufleuten in dem Krenglatbolischen Ronigreich Religionsfreiheit zugestanden warb. Die glauzenosten Er-

folge jedoch errang die englische Flotte durch den Sieg von Sta. Eruz auf Teneriffa, 20. Apr. wo Blate fechzehn spanische Galleonen vernichtete und unermesliche Beute heimbrachte. Es war der lette Triumph des Gelden. Roch in demfelben Jahr ftarb er auf ber Rudfahrt auf seinem Schiff. Go murbe bie Republit unter Crom. wells Führung die Schöpferin der Seeherrschaft Englands.

### b. Berfaffungs- und Barteitampfe.

Bahrend diefer friegerischen Borgange nach Außen trat auch im Berfaffungs. Bartament leben der englischen Republit eine mertwürdige Umwandlung ein. Die Staats. gewalt, die unter dem Impulse religioser und politischer Tendengen die Welt so machtig in Bewegung fette, beruhte auf brei Elementen: bem altparlamentarifchen, dem juriftifchen und bem militarifchen. Durch ihr gegenseitiges Bufammenwirten wurde die außere Machtentfaltung und die innere Rechtsordnung begründet. Diese republikanische Staatsgewalt mußte an Rraft gewinnen, wenn fie den Charafter eines Parteiregiments fo viel als möglich von fich abstreifte, wenn es ihr gelang, alle Stände und Factionen zu einer nationalen Gemeinschaft au vereinigen. Darum wurde, nachdem durch die Schlacht von Borcefter ber bewaffnete Biderstand niedergeschlagen war, allen Ropalisten, welche fich in die Bebr. 1652. bestehende Staatsform "ohne Konig und Lorde" fügen wollten, Berfohnung und Annestie angeboten und von Bielen angenommen. So lange die Republik um ihre Existen zu ringen batte, gingen die verschiebenen Factionen miteinander, ber Rampf ums Dafein machte ein verträgliches Busammengeben nothwendig; aber balb trat eine Spaltung ein awischen ber militarischen Gewalt und ben Mannern ber parlamentarischen Autorität und bes Rechts. Bar die Armee schon während ber burgerlichen Rriege mit Korberungen berborgetreten, welche auf eine gangliche Umgeftaltung ber bestehenben Berhaltniffe in Staat und Rirche hinausliefen; fo waren diefe Anspruche burch bas Bewußtfein, bag bon bem heer und feinen Rührern bas Deifte und Bedeutfamfte bollbracht worden fei, feitbem febr gemachien. Statt bes Rumpfparlaments, in bem die bewaffnete Macht nur ben Ausbrud einer alten Rechtsinftitution, feineswegs eine Bertretung bes Freiftaats erblickte, verlangten Offiziere und Gemeine eine nationale Reprafentation, die aus allgemeinen Bablen nach bem Bringip ber Bollefouveranetat hervorgeben follte ; fie forberten ein neues Candrecht, Berbefferung bes Berichtswefens, Entfernung aller lafterhaften und übelgefinnten Manner aus den einflugreichen Stellungen und ihre Ersetung burch folde, "welche gottesfürchtig und ber Geldgier fremd feien"; fie brangen auf Abschaffung ber Accife, ber Landtage und vor Allem bes Behnten, ber eine Einrichtung bes Bapfithums fei und jest ben Bred-

> boterianern zu gute tomme; fie Hagten, bag bei Confiscationen und Strafgerichten mit Barteilichkeit und Ungerechtigkeit vorgegangen werbe. Bon folden Tendengen waren jedoch die bürgerlichen Mitglieder ber republikanischen Regie-

rungegewalt weit entfernt. Der verftummelte Aumpf des langen Parlaments war in ihren Augen die einzige legale Autorität, und wenn fie auch, wie Benry Bane, nach Bom das bedeutenofte revolutionare Talent Diefer bewegten Beit, wohl die Rothwendigkeit einer Barlamentereform jugaben, fo wollten fie doch nichts wiffen von einem allgemeinem Stimmrecht; nach ihrem Siun sollte nur eine Bablreform eintreten, die ein verstärktes Uebergewicht der Mittelflaffen berbeiführen wurde. Borerft maren fie bedacht, burch Ginberufung ausgestoßener Bresbyterianer ober burch Bablen in ber alten Beise bie parlamentarischen Luden ju ergangen; und um bem Ginfluß bes Beeres gu entgeben, brangen fie, da jest die burgerlichen Rampfe nabezu beendigt feien, auf Berminderung des Landheeres und Berftartung der Seemacht. Denn wie erwähnt behauptete die Marine eine unabhangigere Stellung; felbft die angesehenften Flottenführer, wie Blate und Benn, waren nicht selten in der Opposition zu dem berrichenden Regiment.

Cromwell erkannte die Absicht des Parlaments, das immer noch presbyte- Cromwell rianifche Sompathien nabrte, und ftellte fic auf die Seite feiner Rampfgenoffen. Artegerath. Er verlangte, bas die Mitglieder des Rumpfes einen Termin der Gelbstauflosung festjetten, eine neue ben gegebenen Berbaltniffen entsprechende Bablart aufstellten und das ein bom Barlamente und von der Armee gewählter Rath von vierzig Berfonen Die bochfte Gewalt in Die Band nehme und Die Reformen durchführe. Die Manner Des Parlaments verhielten fich zögernd oder ablehnend gegen alle Reformvorfchlage: fie wollten ihren Anspruch auf die hochfte Antorität nicht aufgeben; gleich bem romischen Senat, ber ihnen borfchwebte, wollten fie über bas gefammte Gemeinwefen, über Land- und Seemacht gebieten. Immer größer wurde die Spaltung zwischen ber burgerlichen und militarischen Gewalt; Die Führer der Armee, durchdrungen von dem Bewußtsein ihrer Thaten und ihrer Macht, wollten von einer Unterordnung unter eine Berfammlung, ber fie ben Charafter einer Rationalbertretung absprachen, nichts wissen; sie suchten Cronnvell ju bestimmen, daß er das Parlament ohne Ende burch einen Gewaltstreich auflose. 3mei herborragende Generale, Lambert und Harrison, waren die Hauptagitatoren für diefen Blan. Bemer, ber in allen bisberigen Actionen fich berborgethan batte, fühlte fich perfonlich verlest, bag ihm nicht nach Gretons Tod bie Stelle eines Lord-Statthalters in Irland mit dem gangen Umfang ber Gewalt übertragen worden. Er war eine durch und durch militärische Ratur, urtheilt Ranet, wenig berührt von den politischen, noch weniger von den religiöfen Ibealen, aber babon burchbrungen, bag bie Armee in bem großen Streite bie Entideibung berbeigeführt habe und ber überwiegende Ginflug ihr von Rechts wegen zufomme. Dberft Harrifon, ein feuriger Anhanger anabaptiftifcher Lebrmeinungen "fcwarmte für die Durchführung einer Radicalreform nach geiftlichen Brinzipien". Rach einigem Bedenken ging Cromwell auf den Gedanken ein; in einer Bersammlung von Offizieren wurde der Entschluß gefaßt, die Reform bes

Reiches durchzuführen, ebe das Parlament mit bem Bablgefet, das eben in Berathung mar, ju Ende gefommen mare. Gott, ber ihnen den Sieg im Felbe verlieben, habe ihnen auch die Bflicht aufgelegt, bas Bolt von bem ungerechten Regimente zu befreien.

Muflofung

So erfolgte die gewaltsame Auflosung des langen Barlaments, die in ihrer bes langen Barlaments braftischen Ausführung so oft ber Gegenstand historischer Schilberung geworben Rachdem Cromwell feine Truppen in bas Saus und die Borhalle geführt, trat er in gewöhnlicher Buritanertracht, fowarz mit graumollenen Strumpfen in ben Sigungsfaal, gerade als über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bes Bablgesets verhandelt wurde, und nahm feinen Sit ein. Gine Beile hielt er fich ftill, bis gur Abstimmung geschritten werden follte. Da erhob er fich plotlich zu einer bitteren Rebe, worin er ber Berfammlung ihre Ungerechtigkeiten und ihre Gelbftfucht vorhielt, und fagte, Gott habe fich murdigere Manner auserseben, fein Bert durchauführen. Ale einer ber Anwesenden fein Erstaunen ausbrudte, bag ein Mann, ber bem Barlamente fo viel zu verdanten habe, in folder Sprache gu ihm rede, gerieth er in die heftigste Aufwallung. Den Sut auf bein Ropfe fchritt er burch ben Saal, ftampfte mit bem Buge auf ben Boben, ließ die Mustetiere Darauf rief er: "Ihr seid tein Parlament mehr, fort! macht befferen Leuten Plat!" Sarrison nahm ben Sprecher Lenthal bei ber Sand und führte ihn von seinem Site weg. Die andern wurden von den Soldaten aus, getrieben, wobei Oliver feine alten Freunde mit Schmabungen überschüttete, indem er dem Einen zurief: "Du bift ein Trunkenbold!" dem andern : "Du bift ein Chebrecher!" bem britten : "Du bift ein Surer!" Auf ben golbenen Barlamentstolben bes Sprechers hinweisend sprach er: "Werft ben Narrentand in die Rumpelfammer!" Rachdem der Saal geräumt mar, ichloß er bas Baus ju, ftedte ben Schlüffel in die Safche und begab fich nach Bhitehall, wo er feine Offiziere noch versammelt fand. Diefen fagte er: "Als ich ins Baus tam, bachte ich nicht folches zu thun. Als ich aber fab, bag bas Parlament einen Faden ohne Ende fortspinnen wollte, ward ber Geift Gottes so ftart in mir, daß ich nicht langer nach Fleisch und Blut fragte." Run fei es nothwendig, daß fie mit ihm Sand in Sand giengen; bas Begonnene muffe burchgeführt werben. Am Rachmittag begab er fich mit Lambert und Harrifon in den Staatsrath und fündigte demfelben an, daß er nur noch als eine Privatversammlung angesehen werden tonne, ba bas Parlament aufgeloft fei. Brabfham antwortete ihm : "Ihr irrt Euch, Sir, wenn ihr glaubt, bas Parlament fei aufgeloft. Reine Macht auf Erden vermag es aufgulofen, ale die Mitglieder felbft." Darauf gingen bie Rathe auseinander. Rirgends erhob fich ein Biberftand; auch die Mannschaft auf ber Blotte fügte fich und feste ben Seetrieg fort. Blate mar ein zu aufrich. tiger Patriot, als daß er das Bohl und die Größe des Baterlandes durch perfönliche Empfindungen hatte gefährden wollen.

So waren benn Konig, Lords und Unterhaus, "weil fie die Pflichten ihres Das "Meine Barlament" Muntes nicht erfüllt hatten", burch die Armee befeitigt; Die in berfelben vorherr- ber Beiligen. idenden independentischen und bemofratischen Ideen hatten ben Sieg erlangt; alle fleritalen, presbyterianischen und aristofratischen Ginrichtungen lagen ju Boben: Oliver Cromwell, bas Saupt ber militärischen Macht, ber Reprasentant der religiofen Selbstbestimmung, hatte alle Gewalt in Banden. Run sollte ein neues Parlament einberufen werben, bas in Bahrheit als ber Ausbruck bes nationen Billens gelten tonnte; bis jur Beendigung ber Bablen führte ber Ariegerath, bem eine Anzahl Rechtsgelehrter beigegeben wurde, unter Cromwells Borfit das Regiment. Die Sauptforge biefer neuen wesentlich militärischen Regierung war die Biederaufrichtung einer burgerlichen Autorität, welche die höchste Gewalt ausüben sollte. Bu bem Ende wurden nach dem Borschlage der separatistischen Congregationen in den Grafschaften und Städten Listen von "Gottseligen" (Gobly) angefertigt, "fromme Manner, glaubig, allen Luften feind und boll hingebenden Muthes fur die Sache Gottes", und aus diefen die Mitglieder für das neue Parlament ausgewählt, und zwar für England 139 nach Maßgabe ber bon ben verschiedenen Graffchaften zu gablenden Steuern, 6 für Bales, ebensoviele für Irland, 4 für Schottland, im Ganzen 155. Sie gaben sich den Ramen "Parlament der englischen Republit" und betrachteten fich als die von Gott bestimmte Repräsentation ber Nation. Ropaliftische Schriftsteller haben diese Berfammlung der "Beiligen", die nach dem jum Sprecher erhobenen Londoner Leberhandler Breisgott Barebone (Tobtenknochen) als "Barebone-Barlamente bezeichnet warb, mit einem Uebermaß von Spott und Ironie überschüttet. Shon die aus der Beil. Schrift entlehnten Bornamen vieler Mitglieder (Hesetiel, Pabatut, Josua, Borobabel) wurden zur Charatteristrung ihrer religiösen Richtung und puritanischen Befangenheit angeführt. Bange Spruche stellten manche boran, wie "Lodtfunde;" "Stehfestinglauben" und es ift eine befannte Ergahlung, daß der lange Borname, ben fich der ermabnte Barebone beigelegt : "Benn Christus nicht für uns gestorben wäre, wir waren ewig verdammt" von dem Bollswig dadurch verspottet ward, daß man den besten Theil wegschnitt und nur bas "verdammt" stehen ließ. Aber wie sehr immer diese Bersammlung, in der Sectirer aller Art, Independenten, puritanische und anabaptistische Fanatiker und Schwäriner über die Bustande des Staats und der Rirche beriethen und beichloffen, den Gegnern und den Nachgebornen als lächerlich und verkehrt erscheinen mochte; die Mitglieder, vorwiegend aus dem wohlhabenden Mittelftande hervorgegangen, waren der Mehrheit nach Manner von Ginficht und politischem Berstand, denen es mit der Reform des gemeinen Wefens, mit der Beseitigung socialer Mißstände ernst war. Sie brangen auf Berbefferung der Rechtspflege, indem fie das weitläufige und koftspielige Gerichtswesen auf einfachere Formen jurudführen und bem verschleppenden Berfahren am "Billigfeitsgerichtshof" bes Ranglers durch Abschaffung-des Court of Chancery steuern wollten; fie beabsich.

tigten ftatt bes weitlaufigen und unverftandlichen Landrechts ein einfaches Befetbuch in englischer Sprache aufzustellen, bas bem gottlichen Gefet und ber Bernunft entspräche; fie wollten bie firchlichen Batronaterechte und bie Behnten abschaffen, ben Gemeinden das Bablrecht ihrer Geiftlichen anheimgeben, Die Ebe, in der die Congregationaliften nur einen burgerlichen Bertrag erkennen wollten, ber priefterlichen Einwirtung entziehen und die Civiltrauung burch ben Friedensrichter einführen.

Muflofung

Wenn schon biefe in das burgerliche und sociale Leben tief einschneiden-Barlas den Reformplane eine große Aufregung bei den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Standen erregten, wenn die Abschaffung bes Behnten Manchen als ein offener Gingriff in bas Recht des Eigenthums erschien; was konnte erft erwartet werden, wenn die anabaptistisch-bemofratische Bartei, die in der Bersammlung viele Anbanger batte, die Majorität erlangte, wenn die "Männer der fünften Monarchie" und die andern anabaptistischen Settirer, welche, wie einft die Biedertaufer in Dunfter. eine Berrichaft von Auserwählten grunden wollten und alle weltliche Runft und Biffenschaft, alle Uebung und Erfahrung der unmittelbaren Erleuchtung durch die Gnade Gottes nachstellten, ihre Autorität jum Umfturg aller beftebenden Ordnungen und Institutionen anwendeten, ober gar, wie die Levellers die Idee bes Eigenthums antafteten? Eine unrubige angftliche Bewegung bemachtigte fic ber Gemuther. Und wie bann, wenn ber Dann, in beffen Band bas Schichfal alle Gewalt gelegt hatte, sich mit der fanatisch-radicalen Faction verband? Satte er boch felbit, wie fie, während bes Rampfes gegen Spiscopale und Bresbuterianer der puritanischen Opposition angehört; und waren ihm doch Männer von excentrifder Richtung, wie Sarrifon bisber nabe geftanden! Aber bor folder Berirrung bewahrte ben General fein gefunder praftifcher Sinn. Bie er einft ben agitatorischen Umtrieben ber Urmee und den phantaftischen Bestrebungen der Levellers ein Ende gemacht batte, fo feste er jest auch dem "fleinen Parlament" ein Biel. Als die "Gottfeligen" auch in das Geerwefen eingriffen, behufs einer Steuerreduction den Armeebestand und die Marine vermindern wollten, das religiöse und demofratische Interesse allem Andern voranstellten, als in einer Sigung die Acuperung fiel: "die Soldaten feien die Sanitscharen jenes Babulon. bas man gerftoren muffe, um die Monarchie ber Beiligen einzuführen"; ba reifte in Cromwell der Gedanke, fich auch diefes Parlaments, das alle bestehenden Berbaltniffe nach radical-puritanischen Doctrinen umgestalten wollte, das fich bei ber Geiftlichkeit, ben Rechtsgelehrten, bem Militar verhaßt gemacht batte, ju 12. Derbr. entledigen. Der innere Bwiefpalt in der Berfaumnlung felbft erleichterte die Auflöfung. Als die fast jur Salfte angewachsene Minoritat felbst ihre Refignation beschloffen und bem Lordgeneral in Bhitehall die Urkunde eingehandigt batte,

murbe ber Sigungefaal in Befiminfter abermale burch Mustetiere geraumt, worauf auch die übrigen Mitglieder ihr Mandat niederlegten. Durch Cromwell und den Rriegsrath batten fie ibre Bollmacht erhalten; durch diefelbe Bewalt wurde fie ihnen entzogen. Sie glaubten die Mission zu haben, das Reich nach dem Billen Gottes, nach ihren bemofratischen und religiofen Ideen neu zu geftalten; als fie faben, daß fie diefe Diffion nicht erfüllen konnten, traten fie theils freiwillig theils gezwungen gurud. Das Bolt verhielt fich theilnahmlos und gleichgültig.

Schon bei ber Auflösung des langen Barlaments war der Gedanke laut gamberts geworben, man muffe die bochfte Gewalt in Gine Sand legen, eine ber Monarchie inftrument. nabe tommende Ordnung grunden. Es wird berichtet, Cromwell habe wiederholt auf die Rothwendigkeit bingedeutet, wieber einen Ronig einzuseten, die Armee aber die Idee einer Berftellung bes Ronigthums bon fich gewiefen. Als nun auch das "fleine Parlament" vom Schauplat verschwunden war, trat General Lambert in dem Rriegsrath, der in den Ramnen von Whitehall über die kunftige Reichsordnung einen Befchluß faffen follte, mit dem Borfchlag berbor, das Staats. regiment in wenige Bande ju concentriren, ein Borfchlag, den er ichon fruber gemacht, ber aber burch ben Ginfluß bes von religiös-fcmarmerischen Borftellungen beherrschten Harrison vereitelt worden mar. Jest legte er einen Berfaffungsentwurf vor, worin der Berfuch gemacht war, die executive und legislative Gewalt zu trennen, die hochfte Staatsantorität zwischen ber Armee und ber Bollebertretung bertragsmäßig zu theilen und an bie Spipe bes Gemeinwefens einen oberften Machthaber zu ftellen. Rach diefer Berfaffungsurtunde, "Inftrument der Regierung" genannt, follte einem Parlament von 400 Mitgliedern für die brei vereinigten Reiche die gesetgebende Macht, die Berwilligung ber Steuern und die Buftimmung bei Befegung ber boberen Staatsamter gugetheilt werden; aus allgemeinen Bahlen hervorgebend, nur mit Ausschluß berjenigen, welche die Baffen gegen die Republit getragen, follte das neue Barlament einen vollsthumlichen Charafter erhalten und in Bahrheit eine Repräsentation ber Ration bilden; ein "Peotector" auf Lebenszeit mit dem freien Bahlrecht des Rachfolgers jollte im Berein mit einem "Staatsrath" die ausübende Gewalt, die Berfügung über die Land- und Seemacht, die Bestimmung über Rrieg und Frieden befigen, doch fein Glied bes Saufes Stuart biefe wochfte Burbe belleiben burfen.

Als die Berfammlung dem von Lambert vorgelegten Entwurfe ihre Bu- Dliver Gromwell stimmung gegeben, wurde Oliver Cromwell ersucht, als Lord-Protector die höchste jum Protection ier erhoben. Gewalt zu übernehmen. Er ließ fich leicht bagu beftimment; galt es doch die Grundlagen bes Stuats und ber gefellschaftlichen Ordnung vor einem drohenden Umfturg zu retten. Ganz England athmete auf; Die Geiftlichen, Die Rechtogelehrten, alle Befitenben erblickien in Crounwell ihren Schirmherrn, ihren "Protector" in der natürlichen Bebeutung des Wortes. Die feierliche Inftallation am 16. December bes Jahres 1653 in Bestiminfterhall, wo er in Gegenwart ber Offiziere, der Stadibeborden von London, vieler Staatsrathe und Richter das ihm im Ramen der Armee und der drei Rationen von Lambert angebotene Berricheranit übernahm und ben vorgeschriebenen Gib auf bas Berfaffungein-

strument leistete, war ein Freudenfest. Als das Ceremoniel vollzogen mar, sprach er: "seine Macht moge nicht langer bauern als fie mit bem Borte Gottes in volltommenem Einklang fiebe, zur Forderung des Evangeliums und zur Erhal-14. April. tung des Boltes bei seinen Rechten und feinem Eigenthum gereiche." Am 14. April bes folgenden Jahres bezog er die koniglichen Gemacher in Whitehall; und ob er auch nicht den Königstitel führte, er befaß die volle monarchische Gewalt, wie die Stuarts fie bei allen absolutistischen Tendenzen niemals zu erreichen vermocht. Auch die Bezeichnung "Lord Protector" kniwfte an Borbilder der Bergangenheit an : mehr als einmal hatten eigenmächtige Stellvertreter minberjähriger Fürften ben Titel geführt. Das neue Regiment, wie die Berfaffungsurtunde es feststellte, war somit ein ber alten Staatsform analoger Organismus, eine monarchische Autorität gestüßt auf Rechtsnormen und Landesgesete und gestärkt burch bie Theilnahme volksthumlicher Elemente am öffentlichen Leben. Die Mebraahl ber Ration fügte fich freudig in die neue Staatsordnung und huldigte ber von Cromwell felbst ausgesprochenen Theorie, "daß alle Obrigkeit zwar göttlichen Ursprungs und von Gott verordnet, aber die Form derfelben Menschenwert sei und der Beränderung unterworfen." Rur die strengen Ropalisten, die Ritter der Legitimitat, und die ichmarmerischen Sectiver, die "Beiligen und Gottseligen", welche die Belt nach idealistisch-theofratischen Traumbildern und Doctrinen gestalten wollten, hielten fich in malcontenter Berbroffenheit fern. Bis zum Busammentritt bes neuen Barlaments wurde von Protector und

Protector Bis zum Busammentritt des neuen Parlaments wurde von Protector und ment in Staatsrath Berwaltung und Gerichtswesen nach den bestehenden Gesehnnd-

habt. Aber bald sah Cromwell die Nothwendigkeit ein, sich, wie der schwedische Reichskanzler Orenstierna zu dem Gesandten Whitelock sagte, "mit Stahl zu panzern an Rücken und Brust", das Protectorat durch die Bestätigung der Nation 3. Sept.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zu stärken. Als am 3. Sept. die 400 freigewählten

Mitglieber, barunter je 30 für Schottland und Irland in einem einzigen Hause vereinigt zur Berathung zusammentraten, eröffnete Cromwell die Situngen mit einer Rede, worin er vor den Tendenzen der Levellers wider die bürgerliche Ordnung und vor den Schwärmern der fünften Monarchie warnte, die jedes geistliche Institut niederwersen wollten, und die Hosfnung aussprach, die Bersammlung werde durch Billigung der getrossenne Sinrichtung den Schlußstein in den Bersassungsdau fügen. Allein er irrte sich, wenn er auf eine unbedingte Zustimmung rechnete. Auf Grund des Prinzips der Boltssonveränetät sprach das Parlament sich selbst die höchste Gewalt zu; ihm müsse das Protectorat untergeordnet sein, ihm die Entscheidung über die Ariegsmacht, über Airche und Gewissensfreiheit zustehen. Die Abgeordneten stellten sich somit auf den Standpunkt des langen Parlaments; der alte Conslict schien wieder auszuleben. Da erklärte Cromwell, daß die Bersassung, wie sie von dem Ariegsrath sestgesetzt, von Gott und Menschen gebilligt worden sei, nicht verändert werden dürse: die oberste Gewalt müsse in Einer Hand bleiben, die Bersügung über die Ariegsmacht zwischen dem

Brotector und Parlament getheilt fein, die Bolfereprafentation burfe fich nicht verewigen, die Gewiffensfreiheit muffe anerkannt werben. Dies feien die Fundamentalartikel, unter benen er bas hobe Amt übernommen, und an benen er festbalten werde. Che er bavon laffe, "moge man ihn in sein Grab senken und ihn mit Schimpf unter die Erbe bringen." Er befette die Thure mit Solbaten und forderte von der Berfammlung die Unterzeichnung einer schriftlichen Anerkennung ber erwähnten vier Grundbestimmungen. Dreibundert unterschrieben den Revers. ber Sprecher an der Spite, und verpflichteten fich zur Treue gegen den Protector; die übrigen traten aus. Sie konnten fich nicht entschließen, eine bochfte unberantwortliche Gewalt, die über eine ftebende Armee gebiete, an die Spipe ber Regierung zu ftellen. Aber auch biejenigen Mitglieder, welche die Fundamentalgefete als gultig binnahmen und bem Brotector die Fulle der Autoritat und die militarische Macht zuerkannten, wollten boch nicht alle übrigen Artikel bes "Regierungeinstrumente" fo unbedingt gelten laffen; fie betrachteten fich als eine "constituirende Berfammlung", der das Recht einer Rebision gutomme. Sie fanden, bag die Gewalt des Protectors in manchen Fällen begrenzt werden follte; fie hielten an bem Auffichtsrecht des Staats über die Religionsgenoffenicaften fest, fie bestritten die Erhebung der unbewilligten Steuern, die doch für bie Unterhaltung ber Rriegemacht unentbehrlich waren; fie wollten bie Bahl bes funftigen Protectore nicht bem Staaterath überlaffen, sonbern bem Barlamente zuwenden; bon einer Erblichkeit der Burde in der Familie Cromwells wollten fie nichts wiffen. Wenn fie auch die Macht bes gegenwärtigen Protectors als eine Rothwendigkeit gelten ließen, fo hielten fie doch an bem Prinzip ber Boltsfouveranetat feft. Da regte fich in Cromwell bas Gelbftgefühl der Dacht, bie er als Rriegsberr und Staatsoberhaupt befaß, und er fchritt abermals zur Auflolung. Da bie funf Monate, welche die Berfaffung für die Situngen be- 22. 3an. stimmte, noch nicht gang vorüber waren, wurde biesmal wie bei ben Löhnungs. terminen ber Mannichaften ju Land und jur See nach Mondumläufen flatt nach Ralenbermonaten gerechnet.

Bon der Beit an regierte Oliver Cromwell als oberfter Rriegsherr mit Gland Gromwell und Araft nach Außen; ale Lord-Protector gemäß ben Bestimmungen ber Ber- Protector. faffungsurtunde mit fefter Sand nach "göttlichem Recht" im Innern: ber "Dlevarius Protector" wie er fich unterzeichnete, hatte mehr Geltung als einft ber "Carolus Reg". Nach Schweben schidte er ben Rechtsgelehrten Bhitelod, ber einst dem langen Parlament angehört hatte, an der Spige einer glanzenden Besandtichaft, damit er mit ber Ronigin Chriftine eine Alliang schließe, um bie Schifffahrt durch den Sund frei ju machen und Holland und Danemark aus der Berrichaft über die nördlichen Meere zu verdrangen. Die Besorgniß der Generalstaaten über ein foldes Bundnig beschleuniate ben Abschluß ber oben erwähnten Uebereinkunft zwischen den beiden Republiken; und auch Danemark ließ sich zu einem für England portheilhaften Bertrag herbei. Um dieselbe Beit

entsagte Christine bem Thron; ihr Rachfolger Rarl Gustab war eifrig bemüht mit dem Protector in gutes Einvernehmen zu treten. Dem Bunde, den der Schwedenkönig bei Gelegenheit des polnischen Rrieges mit Rakorap bem Fürften von Siebenbürgen einging, war Cromwell nicht fremd. So bildeten die vier protestantisch-germanischen Staaten bes Rorbens eine Dacht ftart genug, ben romanisch-tatholischen Rationen des Sudens und dem Sause Desterreich im Often bas Gegengewicht zu halten. Bir wiffen, daß Frankreich ein Bundniß mit Cromwell folog, daß Magarin die Stuarts und ihr Gefolge aus bem Reiche trieb und gestattete, daß die durch gemeinsame Anftrengungen den Spaniern entriffene Seeftadt Dunkirchen ben Englandern verblieb. Allenthalben mar ber Protector bemubt, mit ber politischen Machtftellung bes englischen Staats auch das Ansehen der Reformation zu heben, mit den maritimen auch die protestantis ichen Intereffen zur Geltung zu bringen. "Er fei gewiß", fagte er im December 1655 zu dem brandenburgischen Gefandten Schleger, "zugleich mit bem Regimente über die englische Republit von Gott ben Beruf entpfangen zu haben, unter ben protestantischen Fürsten Europa's die Union und Freundschaft berbeizuführen, die des chriftlichen Ramens wurdig fei. Riemals fei diese nothwendiger gewesen als jest, wo man aus ben blutigen Ereignissen in ben piemontesischen und belvetischen Thälern erkenne, weffen sich bie Evangelischen von dem Fanatismus des Bapfithums zu verfeben hatten. Db Lutheraner, ob Reformirte, fie alle hatten jest nur Gine gemeinsame Sache." Er trat mit ben reformirten Rantonen ber Schweis in Berbindung; ber Bergog von Savogen fab fich gezwungen, die Berfolgung ber Balbenfer einzuftellen und ihnen Religionsfreiheit zu gemahren, als fich Cromwell mit Rachbrud für fie verwendete und ben Minifter Magarin bewog, feine Bemühungen ju unterftugen; Solland bemuthigte fich; Die englische Flotte aelangte im Mittelmeer und auf bem atlantischen Ocean zu Macht und Ansehen und brach die Uebermacht Spaniens, des alten Nationalfeindes; in der Oft- und Nordsee theilten englische Schiffe mit ben Niederlandern und Sanfeaten die Bortheile des Handels.

#### c. Dliver Cromwelle lette Regierungegeit und Ausgang.

Conspiratos

Bie fehr auch immer in der auswärtigen Politit die Berrichergroße und rifde Um-triebe und die politische Energie des englischen Machthabers hervorleuchtete; die innere wat. Parteiwuth wollte nicht verschwinden. Sowohl die Royalisten und Cavaliere, welche in dem Protector einen Usurpator und gewaltthätigen Emportommling erblickten, ale die ftrengen Republikaner, Demokraten und Sectirer, beren boctrinare Anschauungen in feinem eigenmächtigen Auftreten eine neue Eprannei faben, haßten ihn auf ben Tod und arbeiteten an feinem Sturg. Die Berfcworungen gegen fein Leben nahmen tein Ende; bon ber Gubtufte Englands bis in Die ichottifden Bodlande war ber confpiratorifde Geift in Thatigfeit; an mehreren

Orten tam es zu bewaffneten Erhebungen. Cavaliere und Fanatifer ftanden in gebeimem Ginverftandniß. Diefen verwegenen Nachftellungen ber zahlreichen Feinde tonnte Cromwell nur mit eiserner Strenge begegnen. Blutige Strafgerichte erwarteten die Schuldigen; wie einft in Irland wurden gange Saufen nach Beftindien geschicht, um auf den Buderplantagen von Barbados Sclavenbienfte ju verrichten gleich ben Regern. Sang England murbe in breigehn Militar. bezirte getheilt und unter ben Oberbefehl von eben soviel Generalmajors gestellt, welche mittelft der ihnen untergebenen Miliz eine polizeilich-militarische Gewalt übten, die einem Kriegszustand abnlich war : Cavaliere und Rovalisten, die ihre Abneigung gegen die Republit tund gaben ober im Berdacht feindseliger Befinnung fanden, murden mit einer Gintommenfteuer bis zu gehn Procent belegt. Bugleich wurden die puritanischen Sittengesetze gegen Trunksucht, Fluchen, Schwören und andere Lafter ftrenge gebandhabt; Schausviele und alle leichtfertigen Luftbarkeiten waren verboten; bei den Soldaten felbst herrschte Bucht, Sottesfurcht und eingezogenes Leben. Das gange Band hatte ein militärisches Unsehen; aber das Gefühl der Sicherheit zog in die Bemuther ein; die Rriegsleute, welche bas Regiment führten, waren zugleich eifrige Anechte Gottes; fie nöthigten die Menschen, bem gottlichen Gefete ju gehorchen und ber Obrigfeit unterthanig au fein, lebten aber auch felbft diefen Borfchriften gemäß.

Die Mittelklaffen und ein großer Theil ber Presbyterianer fügten fich in Gromwells Ergebenheit und in der Furcht des Herrn unter die strenge aber gerechte Bucht gegenüber Cromwells. Alle protestantischen Confessionen und Congregationen, fofern fie und Setten. der burgerlichen Obrigfeit Gehorfam leisteten und die öffentliche Rube nicht florten, durften ihres Glaubens leben und den Gottesdienft nach ihrem Gewiffen ordnen; nur gegen die Bekenner ber romisch-tatholischen Religion, in benen er wie Milton eine politifche Partei erblidte, "welche unter bem Scheine einer Rirche die priefterliche Eprannei anftrebt", blieben die alten Strafgesete in Geltung und die Episcopalen mußten seit einem Aufftand vom 3. 1655 fich mit Privatgottesbienft in Rapellen oder Bohnhaufern begnugen. In Schottland wurden die Rirdenseffionen und Spnoben nicht gehindert; aber die Generalaffembly, die an der presbyterianisch-royalistischen Staatsordnung festhielt, murde burch Militar aufgelöft und jedes eigenmächtige Bufammentreten unterfagt. Bon ben religiöfen Setten, die unter den Impulsen des Beitgeistes machtig emportrieben, machten ihm die anabaptistischen Schwärmer und Fanatifer durch ihre excentrischen Anficten und Doctrinen, die fich nicht alle mit der bürgerlichen Ordnung vertrugen, viel zu schaffen. Obwohl felbft von independentischen Borftellungen ausgegangen, hielt es Cromwell doch für seine Pflicht, allen überspannten ungstisch-spiritualistiiden Ausschreitungen, allem enthusiastischen und phantaftischen Besen entgegengutreten. Auch auf die von Georg For gestiftete "Gesellschaft ber Freunde", von dem Bolle Quater (Bitterer) genannt, die in diefer aufgeregten Beit in Loudon ihre erften religiosen Busammenkunfte (Meetings) hielten, blickte Cromwell

Anfangs mit Migtrauen und Abneigung, weil mehrere feiner politischen Gegner, wie Bane, Lilburn, Bradfhaw, fich ber neuen Sette naberten und einige aufgeregte Baupter fie in die revolutionare und fanatifche Stromung bineingureißen fuchten. Als er jeboch bie tiefe religiofe Innerlichteit bes Stifters ertannte, berfobnte er fich mit bemfelben. Er fühlte eine gewiffe Sompathie mit bem neuen Propheten und hatte manche Unterredung mit ihm. Im Gegensat zu den Episcopalen und Presbyterianern, welche bas exclusive Recht bes Staats für eine bestimmte kirchliche Form in Anspruch nahmen, begunftigte Cromwell eine gewiffe Mannichfaltigfeit ber Lehrmeinungen. "Er hat einmal ben Spruch bes Jefaias bafür angeführt: ich fete in ber Bufte Cebern, Mpreben und Delbaume, ich pflanze in ber Ginobe Chpreffen und Platanen. Gleich als maren die verschiedenen Bestaltungen bes Glaubens eben so viele Baume Gottes. Doch sollten fie alle eine höchste Gewalt anerkennen, die über ihnen war." Selbst den Juden gewährte der Protector nach einer Berbannung von vier Sahrhunderten Bulaffung und das Recht, eine Spnogoge zu bauen. Damals tamen Rabbiner aus bem Morgenlande, um in Huntingdon und Cambridge nach dem Stammbaume des Mannes au forschen, ber seine Sate aus bem Buche ber Richter, ber Konige, ber Pfalmen entnahm, ob er vielleicht judischen Ursprungs und ber verheißene Defias Beraels fei.

Unitarier.

Bie aber Cromwell unaufhörlich bemuht war, "den gesammten protestantischen Ramen in brüderlicher Eintracht zusammenzuknüpsen", so sorgte er auch dafür, daß in England selbst dem Staat der christliche und protestantische Charakter erhalten blieb. Die Socinianer (XI, 873 f.), deren Religionsschriften damals durch John Biddle in England übersetzt und verbreitet wurden, fanden so wenig Toleranz wie die Papisten. Rach einem wechselvollen Leben, wovon er manches Jahr in Kerkerhaft und Berbannung verbrachte, starb Biddle nach der Restauration im Sefängniß (1662). Erst in der Folge bildete sich auf Grund ihrer antitrinitarischen Lehre die Religionsgenossenossenschafte unt arter aus.

Rachftel= lungen.

Aber weber die äußere Machtstellung, welche Cromwells starker Arm der englischen Ration erward, noch die Herrschaft des Gesetes, die er im Innern begründete, vermochte die Gegner mit seinem Regiment auszusöhnen. Wie sehr man auch seine hohen Herrschergaben gelten ließ und bewunderte; wie sehr man seine einsache bürgerliche Lebensweise und sein ehrsames Hauswesen, das getreue Abbild seines patriarchalisch frommen Geistes anerkannte und achtete, welches gegen Karls II. Ausschweisungen und leichtsertige Hofhaltung in Köln und anderwärts so vortheilhaft abstach; die höchste Magistratur in der Hand eines Einzigen, der nicht legitimer Thronerbe war, erregte Reid, Abneigung und Widerstand. Unausschlich war sein Leben durch Rachstellungen bedroht, eine in Holland gedruckte sulminante Schrift mit dem Titel "Tödten kein Mord!" wurde in Umlauf gesett und machte durch ihre leidenschaftliche Sprache großen Eindruck. Rur durch die höchste Wachsankeit und Borsicht konnte er sich gegen Verschwörer und Meuchel-

mörber ichugen. Royalisten und religiofe Fanatifer trugen ihm gleichen Sag. Bie durch ein Bunder entging er im Januar 1657 ber Gefahr, mittelft einer Bulberexplofion im eigenen Schlafgemach ermordet zu werden. Serby und fein verwegener Gefährte Sindercomb buften fur bas verbrecherische Unternehmen, von dem Karl II. und feine Bertrauten Runde gehabt haben follten, mit dem Leben. Man feierte die Rettung des Protectors mit Freudenfesten, bennoch blieb bie Opposition in ungeschwächter Thatigkeit. Selbst Manner, die mit bem Lord-Brotector lange zusammengewirft, wie Benry Bane, Bradfham, Ludlow, Sarrijon betampften die einherrliche Gewalt in der Sand eines Beerführers und judten auf Grund ber Boltssouveranetat bem Parlament die bochfte Macht und Autoritat zu verschaffen, die Armee in eine untergeordnete Stellung zu bringen. jo daß Cromwell fie mit Absetung ober vorübergebender Saft beftrafen mußte.

Als die Ausgaben fur ben fpanischen Rrieg aus ben laufenden Gintunften Renes Barnicht mehr bestritten werden konnten und die Einberufung eines neuen Barlaments nothwendig erachtet ward, ba regten fich aufs Reue alle gurudgedrangten parlamentarischen Ibeen. Die Bahlen fielen fo fehr im Sinne der Opposition aus, bag Cromwell fich bewogen fand, die dem Staatsrath nach ber Berfaffung auftebende Befugniß einer Bablbrufung auch in Bezug auf die Qualification ber Gewählten in Unwendung ju bringen und über hundert gegnerisch gefinnte Bertreter durch Solbaten bom Eintritt in ben Sigungefaal auszuschließen. geschah es, bag bie Mehrheit bes Hauses mit ber Regierung ging, bag für ben ipanischen Rrieg eine Subfidie von 400,000 £ St. bewilligt murde und bag. als im Laufe ber Berhandlungen eine Reform ber bestehenden Berfassung in Anregung tam, fich eine gunftige Stimmung für Erhaltung und Befestigung der Einzelgewalt in der Sand des hohen Protectors tund gab. In der Rede, womit Cromwell die Situngen eröffnete, ermahnte er die Berfammlung gur 17. Sept. Eintracht, Friedfertigkeit und Gottesfurcht, bamit nicht über fleinlichen und unnöthigen Streitigkeiten bie großen Intereffen überseben murden. Diese Intereffen seien auch seine eigenen, benn durch die Stimme des Bolts zur oberften Magistratur berufen, habe er nur die Sache Gottes, nicht die seinige ju fuhren. Schwungvoll folog er mit dem 46. Pfalm, ben er Luthers Pfalm nannte, aus welchem das Lied "Eine feste Burg ift unfer Gott!" gefloffen. Diese Anficht, daß die höchste Gewalt in ber Hand bleiben muffe, in die fie burch Gott und bas Bolt gelegt worden, drang auch bei der Bersammlung durch, so wenig sie sonst mit dem militarischen Charafter des Regiments, mit der Soldatenherrschaft ber Generalmapors und der Provinzialmiliz zufrieden mar. Die Anstrengungen Rarls II., mit Hulfe der spanischen Sofe in Bruffel und Madrid und im Ginbernehmen mit den Robalisten und Ratholiken ja selbst mit den Anabaptisten im Inlande wieder zur Herrschaft zu gelangen, die beunruhigenden Gerüchte von neuen Berfcwörungen und Attentaten, die bamals durch die Luft fcwirrten, legten den Bertretern ber Ration die Frage nabe, welche Birkungen eine uner-

234 B. Das brit. Reich unter d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t.

wartete Katastraphe bei der Unsicherheit der Rachfolge in dem höchsten Amte für das Reich haben würde, und machten Sedermann fühlbar, wie viel von dem Leben Cromwells abhänge. Rur Er war im Stande, der Militärherrschaft Schranken zu sesen.

Der Königs. So tauchte denn im Schoose der Versammlung der Gedanke auf, man boten wird ungse boten wird muffe die Regierung auf die "alten exprobten Grundlagen" zurücksühren, dem Protektor das Recht beilegen, seinen Rachsolger zu ernennen, die früheren Versschlagungsformen mit einem Oberhaus herstellen. Je heftiger Lambert, der Urheber der bestehnden Regierungsform und seine militärischen Genossen gegen ein solches Borhaben anstürmten, desto mehr schlug der Gedanke bei den Mittelklassen und bei den Männern des Rechts und des Friedens Burzel. Man müsse den Titel eines Protectors mit der Königswürde vertauschen, denn nur diese stimme mit den alten Gesehen des Landes überein, während jener den Beigeschmad einer durch das Schwert erwordenen usurpatorischen Gewalt an sich trage. Die Militärpartei sehte alle Hebel ein, die bestehende Ordnung unverändert zu erhalten; Lambert muthete dem Protector zu, die Versammlung aufzulösen. Allein Cromswell war dem Plane einer zwecknäßigeren Ausgleichung der höchsten Regierungs

tärpartei fette alle Bebel ein, Die bestehende Ordnung unverandert zu erhalten : Lambert muthete dem Protector zu, die Berfammlung aufzulofen. Allein Cromwell war bem Plane einer zwedmäßigeren Ausgleichung ber bochften Regierungs: gewalt mit den Anspruchen und Rechten des Parlaments nicht abgeneigt, wie febr er auch mit seinen Gebanten und Bunfchen gurudbielt. Als ber Beschluß 25. Mars durchging, den Protector zu ersuchen, daß er Titel, Burde und Amt eines Ronigs von England, Schottland und Irland annehme, und ber Sprecher an ber Spige einer Deputation bemselben den Beschluß überbrachte, bat er fich einige Tage Bedenfzeit aus, um mit Gott und feinem Bergen ju Rathe ju geben. Dann gab er eine unbestimmte Antwort, aus welcher bas Parlament Die Soffnung Schöpfte, er tonne noch fur die Annahme gewonnen werden. Gine Commission aus Rechtsgelehrten und andern angesehenen Mannern stellte die Grunde que fammen, welche ben Brotector bestimmen mochten, die Rrone anzunehmen. Als fie die Resultate ihrer in mehreren Conferenzen gepflogenen Berathung bemfelben vortrugen und hervorhoben, daß die Gefete bes Landes und alle legitimen Autoritaten an das Ronigthum gefnupft feien, ftiegen in Cromwells Scele manchfaltige Befühle und Erwägungen auf. In verschiedenen Unterredungen sette er den Abgeordneten seine Bedenken gegen die Besitzergreifung auseinander: sein wichtigstes Anliegen sei, ber Ration Ordnung und Frieden zu geben, diesem Bred wolle er nicht als Rönig, sondern als Coustabel dienen; wohl sei es Pflicht, bem Parlamente zu gehorchen, aber er wiffe auch, daß es viele gute Manner gebe, welche diesen Titel nicht murben ertragen tonnen, auf diese muffe Rudficht genommen werden. Aus dem gangen Inhalte ber Rede ichien bervorzugeben, daß Cromwell in seinem Bergen nicht abgeneigt war, die toftbare Gabe, die man ihm barbot, angunehmen; daß aber bie Ginficht, welche Bidermartigfeiten und Befahren entstehen wurden, ihn babon abgebracht. Er tannte die Abneigung der Armee und der Republifaner gegen die Biederbelebung des Ronigthums,

er hatte vergebens die Parteihaupter in vertraulichen Gesprächen bei ber Pfeife von dem Borurtheile abzubringen gesucht; fie reichten vielmehr bem Parlamente eine Betition ein, worin fie fich mit icharfen Worten gegen biejenigen 8. Wai aussprachen, welche ben General brangten, Titel und Regierung eines Königs anzunchmen, "nur in der Absicht, ihn zu verderben und die Ration in die alte Anechtichaft gurudguführen". Gollte es nun Cromwell auf einen Bruch mit ber Armee ankommen laffen, seine alten Rampfgenoffen von fich ftogen ? Bor einem fo gefahrvollen Beg bewahrte ihn fein Berftand. Er gewann es über fich, gegen bie Stimme feines Chrgeiges, gegen bas Drangen feiner Familie, ben koniglichen Rang zurudzuweisen, ein Gut zu verschmaben, bas allen großen Berrichernaturen als bochftes Biel ihrer Bestrebungen vorzuschweben pflegt. "Aus Rudficht gegen bas Gemeinwohl bezwang er fich und blieb Schirmberr ber brei Reiche, wohl in ber Hoffnung, bag bor ber Macht und bem Ruhme feines Regiments die legitime Monardie einmal in Bergeffenheit gerathen konne."

Ob die Ablehnung des Königtitels weise war oder ein Tehler, ist fcwer zu Berfaffung entscheiben. Macaulah meint, bem großen Ronigsmorber fei nichts anderes unb neue Inaugura: übrig geblieben, als den englischen Thron zu besteigen und in Ueberein, tion 1867. ftimmung mit ber alten Staatsverfaffung ju regieren; bann batte er hoffen fonnen, daß Die Bunden des gerfleischten Rorpers binnen Rurgem fich schließen wurden, und viele geachtete und rubige Manner wurden fich schnell um ibn geschaart, selbst die Ropalisten und Lords die Sand des "Königs Oliver" gefüßt haben; eine neue Ohnaftie ware entstanden und nach dem Ableben des Grunders die königliche Burbe, mit allgemeiner Buftimmung auf feine Rachfommen vererbt worben. Cromwell hat ben Schritt nicht gewagt; er begnügte fich mit einer Revision der Berfaffung, fraft beren er als Lord-Protector der Republik das Amt eines oberften Magistrats fortführte und unter dem Beirathe bes Barlaments und geftupt auf das heer bie Gewalt eines Fürsten "von Gottes Gnaden" übte. Das noch beigefügte Recht, seinen Rachfolger selber zu mablen, erhob dieses Berricheramt auf eine Bobe, die es der Burbe einer erblichen Monarchie nabe rudte. Seine Freunde waren hoch erfreut über den Sieg: "Du Befreier des Baterlande", rief Milton aus, "Mehrer feiner Freiheit, fein Bort und fein Buter tannst teinen gewichtigeren noch erhabeneren Titel annehmen, der bu in beinen Leistungen nicht nur die Thaten unserer Könige, sondern die Geschichten unserer Sagenhelden überboten haft." Auswärtige Könige behandelten ihn als ihres Gleichen; vornehme Lords, wie der Carl of Warwick und Viscount Fauconberg jahen es als ein Glück an, mit seinem Hause in Berwandtschaft zu treten. Aber ber ganze prachtige Herrscherbau, ber durch eine neue feierliche Inauguration in 26. Juni der Bestminsterkirche eingeweiht ward, und dem die Nachricht von Blates Sieg über die spanische Flotte auf Teneriffa einen erhöhten Glanz verlieh, ruhte auf Giner Perfönlichkeit; wenn sich zwei Augen schlossen, wankten Fundamente und Bfeiler.

Das neue Dberbaus u.

Aber auch in diefer verftartten Geftalt hatte bas Protectorat Mube, fich ber bie parla- gablreichen Feinde zu erwehren: in Brugge feste Karl II. himmel und Erde in

Opposition. Bewegung, um im geheimen Bunde mit den ropalistischen und anabaptiftischen 20. 3an. Clementen den väterlichen Thron zu erlangen; als zu Anfang des Sahres 1658 bas Varlament wieder einberufen wurde und auch bie früher ausgeschloffenen Mitglieder, fofern fie ben vorgeschriebenen Cib der Treue fur ben Brotector und bie bestehende Berfaffung ju leiften bereit waren, Butritt erlangten, regte fich bie republikanifch-parlamentarifche Opposition mit neuer Starte im Beifte bes langen Barlaments. Cromwell batte ben Berfuch gemacht, durch Ginführung eines neuen Oberhauses, wie er burch bas "Inftrument" berechtigt mar, die bestehende Ordnung der alten Berfaffung mehr zu nabern. Da aber der ftolze Abel fich weigerte, in dieses "andere Saus" einzutreten, so wurden die neuen erblichen Beers aus ben Sohnen und Bermandten bes Protectors, aus Rechtsgelehrten und Offizieren gebildet. Diese neue Schöpfung fließ nun auf beftigen Biderfpruch von Seiten der Gemeinen. Auf parlamentarische Anordnung batte man fruber der Regierung "ohne Ronig und Oberhaus" Treue geschworen, und nun follten fie ein neues Baus von Lords neben fich als gleichberechtigt anerkennen, bas boch an Rang und Bermögen ber alten Robility weit nachstebe. Das Bolt habe But und Blut dargebracht, um fich felbst feine Befege geben zu konnen, und nun follten fie rubig jugesteben, daß ein neuer Stand von Privilegirten ihnen gur Seite, ja fogar über fie gefett werbe? Sasterigh nahm ben ihm angebotenen Sit unter ben "Lorde" nicht an, sonbern blieb bei ben Gemeinen. Umsonft ftellte Cromwell bem Sause vor, wie nothwendig die Gintracht fei gegenüber bem äußeren Reinde, ber im Kalle einer Invafion an der Bartei ber Bifcofe und Cavaliere, an den religiöfen und politischen Radicalen und Fanatitern Berbundete in Menge finden wurde, um eine neue Kriegeffainme anzufachen; umsonst suchte er ihnen die Besorgniß vor einem Migbrauch der Regierungsgewalt au benehmen, indem er fie an seinen Schwur erinnerte, ben er im vorigen Sommer auf die umgebildete Berfaffung geleistet; bie Opposition murbe nicht jum Schweigen gebracht. Immer wieder regten fich die Tendenzen, bem Parlamente die Staatshoheit im Gegensat ju der Autoritat des Protectors beizulegen. Diefer Beift bes Biberspruchs sette Cromwell in folche Erregung, bag er auch biefe 4. Febr. Berfammlung aufzulösen beschloß. Am 4. Februar sah man ihn mit kleinem Gefolge nach Bestiminfter fahren. Die Gemeinen wurden in das Saus der Lords beschieben. Sier hielt er der Bersammlung in einer bitteren vorwurfsvollen Rede bor, daß fie inmitten brobender Befahren mit Heinlichem Streite fich befaffe, und verhängte die Auflösung mit den Borten: "Gott sei Richter zwischen mir und Euch!" Wie mag ihm der Ingrimm am Bergen genagt haben, als er die alten Rameraden im Felde, mit benen er den Ronig bezwungen und die Republit aufgerichtet, fich gegenüber geschaart fab, "als er mit ben redlichften Absichten auf

unüberwindliche Begenfage fließ, ale er jum Schute feiner eigenen Regierung

und des eigenen Lebens den legitimen und radicalen Fanatikern nochmals den Baum der Gewaltsamkeit anlegen mußte, als die Zwietracht bis in seine Familie eindrang, wo Desborough und Fleetwood, Schwager und Cibam, dem widerspenftigen anabaptiftischen Theile bes Beeres zuneigten", und seine Lieblingstochter Elifabeth ropaliftifche Gefinnung in ihrem Bufen begte!

Die Krankbeit und ber Tob biefer Tochter, ber Lady Clappole, die in duftern Crommelle Phantafien die fünftige Rache über bas vergoffene Ronigsblut vorausfagte, fügte 1658. an den forperlichen Leiden, die ben Protector icon einige Beit ergriffen hatten, und ju ber Unruhe, Erbitterung und Aufregung, die ihm ber Biberftand ber alten Freunde und die Rachstellungen und Complotte ber zahlreichen Feinde und Bibersacher bereiteten, noch ben Seelenschmerz bingu. Bie eifrig auch ber hobe Berichtshof und bie Leibmache fur bie Sicherheit bes gewaltigen Mannes an ber Spipe des Gemeinwesens beforgt waren; wie viele Angeflagte und Berdachtige in ben Gefangniffen ichmachteten, immer tauchten neue Mordplane auf und erfüllten ihn mit Unrube, Sorge und Argwohn. Dazu kan nun noch ber Unmuth und Berdruß über bas Scheitern feiner organisatorischen Blane, ernste Scrupel über fo manche gewaltthatige Handlung. Sein Gemuth war verdüftert; er fand feinen Schlaf mehr; feine reigbare Ratur murbe immer aufgeregter. Unter biefen inneren Empfindungen und Rampfen fiechten feine Lebensgeister dahin; die Fieberanfälle, zu denen sein Körper von jeher geneigt war, wurden immer ftarter und häufiger. Man brachte ihn von Hamptoncourt nach Bhitehall; dort im Palaste Rarls I. starb Cromwell an feinem Geburtstag, der ibm 3. Sept. immer ein Tag des Bluds und der Chre gewesen', mit dem festen Glauben, daß er in der Gnade Gottes fiebe. Diefer Glaube murbe jedoch nicht von Allen getheilt. Das Bolf ergablte fich, unter bem Braufen eines furchtbaren Sturmes, ber in ber Sterbestunde über die Infel gefahren, fei die Seele des fcredlichen Mannes von damonischen Machten in die Hölle entführt worden.

Eine großartige Leichenfeier mit koniglicher Pracht gab Beugniß, daß die Garafter u. Ration von einem Gefühl der Bewunderung über die Größe und Rraft des Bebentung Dahingeschiedenen burchbrungen mar, felbft biejenigen, welche mit Grauen auf fore. bie Mittel und Bege schauten, durch die er zu ber bochften Stufe ber Macht und Autorität gelangt war. Bie Casar und Napoleon durch militärische Talente an ber Spipe eines siegreichen Heeres emporgestiegen, hat er boch nicht wie biese bie Rrone auf sein Haupt gesetht; mit der hochsten burgerlichen Gewalt bekleidet, hat er fie nicht wie Bashington wieder aus der Sand geben wollen. Ratur und die machtige Beit aus robem Stoffe jum herrscher geschmiedet, suchte Cromwell fich alle Rrafte des Landes dienstbar zu machen, nicht um seinen perfonlichen Chrgeig zu befriedigen, sondern um als "Buchtmeister gur Freiheit" ein Staatswesen zu schaffen, worin religiose Selbstbeftimmung nach protestantischer Auffaffung mit bürgerlicher Ordnung und nationaler Größe und Unabhängigkeit auf bem Boben geschichtlicher Ueberlieferung und gewohnter Rechtsformen ber-

bunden fein follte. Bie er im Anfang feines öffentlichen Lebens diefe Ideen gegenüber den absolutistischen Tendenzen des Ronigthums vertheidigt, fo suchte er fie als Lord-Brotector gegenüber ben bestructiven Rraften ber Rabicalen und Schwarmer zu schirmen: bag er in diefem Streben burch ben doetrinaren Startfinn feiner eigenen Genoffen gehemmt ward, bag es ibm nie gelang, einen dauernden Berfaffungsbau aufzurichten, worin die civilen und militarischen Elemente fich in geordneten Bahnen bewegt batten, bag er immer wieder ju Magregeln ber Gewalt und Billfur greifen mußte, bag feine Regierung nie einen burgerlichen Charafter zu erlangen vermochte, bat ibm fein Leben verbittert. Bie ein Seld ber alten Tragodie bat Cromwell mit dem unerhittlichen Schickfal gerungen, wie ein Fels ben anfturmenden Bogen Biberftand geleiftet und fie gurudgeworfen : "Gine Rraft von tiefem Antrieb, ureigener Bewegung, breiter Mächtigfeit, - langfam und feurig, beständig und treulos, gerstörend und confervativ, - die den ungebahnten Weg immer gerade aus vor fich bintreibt; alles muß por ihr weichen, mas ihr wiberfrebt, ober es muß zu Brunde geben". Reine geschichtliche Perfonlichkeit ift von ber nachften Rachwelt fo gehaßt und geschmäht worden wie Oliver Cromwell: er galt als Beuchler, Usurpator, Eprann, Rönigemorber; fein ganges Beben wurde als eine Rette von Berbrechen und Graufamteiten bargeftellt; er wurde als ein moralifches Ungeheuer verbammt. Diefes Urtheil ift in ber Folge in feinen Gegensat umgeschlagen: Die nachgebornen Geschlechter erflärten ibn für einen ber größten Manner ber Beltgeschichte, ber die Reime in die Erde gesenkt babe, aus benen der spatere freie Rechtsftaat Grofbritanniens emporgewachsen. Weit entfernt, in feinem religiöfen Auftreten Beuchelei und Scheinheiligkeit zu erbliden, bat man barin die Früchte eines glaubigen Bemuthes, einer ftrengen Gottesfurcht ertannt; gegenüber einer außerlichen Wertheiligkeit und hierarchifch priefterlichen Rirchlichkeit, babe er auf bie innere Beiligung bes Bergens, auf eine Religion bes Gewiffens, auf die freic Entfaltung ber göttlichen Bahrheit gedrungen und ftete ju dem Berrn gefieht, daß er ihm Rraft verleihe, immerdar große Berte au feinem Breise au vollbringen. Sat er boch felbst von fich gesagt, bas er fich fortgetragen fühle von einer munderbaren Rraft; daß er nichts thue, ohne den Berrn zu suchen; in ihm lebte die Ueberzeugung, daß sein ganzes Thun und Bollbringen auf einen ewigen Rathfcbluß und Erwählung Gottes gegrundet fei. Man bob mit Recht hervor, daß er, ein zweiter Buftab Abolf, ber protestantifchen Belt als Schirmberr erschienen au einer Beit, ba ber Ratholicismus von den habsburgischen Machten und felbst von Frankreich zur Alleinberrschaft geführt werden sollte und eine eifrige Bropm ganda ibre erfolgreiche Thätigkeit entfaltete. Und wenn auch die Errungenschaften der Republik in der reactionaren Beit der Restauration wieder verdunkelt ober unterbrudt wurden; der Samen religiöser Freiheit ift doch nie mehr ausgerottet worden. Und wie Cromwell den katholicirenden Tendenzen auf firchlichem Gebiete entgegengetreten ift, fo bat er mit feinen puritanischen und independentischen

Rriegeschaaren bewirtt, das der toniglich-hochfirchliche Absolutismus fich nicht in England auf die Dauer festfehte; er hat die Bereinigung ber brei Reiche ju einem großbritannifchen Gemeinwesen in einer Beise burchgeführt wie fie bie Stuarts niemals zu bewirten vermocht, und ift baburch ber Bahnbrecher ber Butunft geworden; und indem er eine fraftige Mariue schuf und die Ration auf ihr naturgemages Gebiet hinwies, ift er ber Schöpfer ober Forberer ber englischen Seemacht und Colonisation gewesen und hat dem Inselreiche, das unter den Stuarts auf bem Bege war jum Trabanten von Spanien berabzufinken, nationale Gelbftandigfeit verlieben.

# 2. Bwei Jahre flaatlicher Berrüttung.

#### a. Gabrende Clemente im Biberftreit.

Mit eiferner Sand hatte Cromwell bie Parteien niedergehalten und fie ge- Richard zwungen, der bestehenden Ordnung zu dienen, fich der obrigseitlichen Gewalt zu und bie Deers fabrer. fügen. Auf die Runde von bem Tode des gewaltigen Mannes athmeten fie wieder auf; alle gaben fich der hoffnung bin, ihre Anfichten und Bringipien uun boch noch verwirklicht zu feben. Anfangs hatte es ben Schein, als ob bas Brotectorat wie in einem monarchischen Staat die Krone nach dem Rechte ber Erftgeburt forterben follte. Durch ein Manifest des Staatsraths murde die hochste Burde an Olivere Sohn Richard Cromwell übertragen; benn fo babe ber Lord-Brotector fraft bes ibm zustebenden Rechts ber Ernennung feines Rachfolgers auf dem Sterbelager bestimmt. Aber ein in der behanlichen Rube bes Brivatlebens aufgewachsener Berr, ber "weber Rriegsmann noch Beter" war und nicht Sinu für Studien und Bildung als für die großen Anliegen des Staats und des Arieges gezeigt batte, war bem Beere nicht willtommen; "eber schon hatte ihm der zweite Sohn Beinrich jugefagt, der, wenn auch nicht von der echten Farbe der Beiligen, doch sein Schwert frühe in Bürgerblut getaucht hatte und dermalen Statthalter in Irland war". Die Obersten, an ihrer Spipe Laurbert, der in seinem Chrgeis fich für eben fo würdig hielt "ben Purpurmantel zu tragen und das Schwert des Staates zu schwingen" wie Oliver, und Richards eigener Schwager Fleetwood, der Reprasentant der ftreng religiösen Tendenzen, wollten nicht zugeben, daß ein Rechtsgelehrter, der niemals Baffen getragen und vom Militarwesen nichts verftand, über das Beer verfüge; fie bestanden auf einer Trennung des Protectorate von der Seerführerschaft. Bugleich verlangten fie, daß in den Staatsrath nur Manner von "gottseligen Grundsagen" aufgenommen und die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Reformen im Sinne ber früheren Forberungen durchgeführt mürden. Richard Cromwell erklärte, ohne den Oberbefehl über das heer fei das Protectorat ohumächtig und unhaltbar; auch fein Bruder henry stimmte ihm bei; Fleetwood dagegen, welcher die oberfte Geerführung für sich

240 B. Das brit. Reich unter d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t.

felbit in Anspruch nahm, und Dlivers Schwager Desborough bilbeten eine fcarfe Opposition: sie führten die militarischen und independentischen Rrafte von Reuem gegen bas gemäßigte burgerliche Regiment ins Relb. So wurden bie alten Spaltungen und doctrinaren Gegenfage in die Familie des verftorbenen Machthabere übergetragen und zur Unterlage ehrgeiziger Bestrebungen gemacht.

Gin neues Barlament

Um fich gegen die Anmagungen der Armee und die bestructiven Tendenzen inberufen. der Radicalen und Beiligen eine Stute zu schaffen, beschloß Richard auf das Bureden einiger vertrauten Rathe feines Baters, eines Thurloe, Bhitelode, St. John, tin neues Barlament einzuberufen und zwar, um ber Regierung und bem Abel mehr Ginfluß zu geben und die conservativen Elemente zu mehren, nach ber rechts beraubt worden waren, basselbe wieder ausübten.

alten Bahlordnung, fraft beren die fleinen Burgfieden, die unlängft ihres Babl-Der 3med murbe erreicht; als der Staatsrath die Liften prufte, fand er viele ergebene und guverlässige Manner; besonders waren die sechzig Abgeordneten, welche Schottland und Irland fandte, jedes Reich dreißig, "fo gut wie bom Staaterath felbst er-Bertrauensvoll eröffnete ber Protector die Sigungen im Saufe ber Lords mit einer Rede, worin er feine Absicht aussprach, im Geifte feines Baters "des großen Friedensstifters" zu regieren, und die Hoffnung, dabei von dem Rathe bes Parlaments unterftugt zu werden. Aber die alten geübten Streiter ber Republit, die Bane, Saslerigh, Bradfhaw, Scot, Ludlow erhielten bald bas Uebergewicht bei ben Berhandlungen und führten die alten Fundamentalfate von ber Boltssouberanetat und bon ber Sobeit und Gewalt bes Parlaments wieber auf den Rampfplay. Man fragte zuerft nach bem Rechte, traft beffen bas bochfte Amt des Staats in die Bande Richards gefommen fei; und wenn auch fchließlich burch die Anstrengungen der regierungsgetreuen Majorität der Uebergang der Brotectorswurde bom Bater auf ben Erstgebornen nach ben Bestimmungen bom 3. 1657 als eine Thatfache hingenommen, Richard Cromwell als "Lord-Protector und oberfter Magiftrat ber Republit" anerkannt ward; fo war man boch feineswegs ber Meinung, daß bamit auch bas ganze Berfaffungswert, wie es burch Olivers dictatorische Autorität eingeführt worden, in Geltung bleiben follte: vielmehr wollten die Gemeinen dem Princip der Bolkssouveranetat und dem Rationalwillen mehr Rechnung getragen wiffen. Bor biefer Macht aber mar das "andere Haus", das fogenannte "Haus der Lords" tein rechtsgültiger Factor des Gemeinwefens. Schon bei ber Eröffnung des Parlaments, die nach alter Gewohnheit im Sigungefaale ber Beere bor fich ging, hatten bie republicanischen Mitglieder des Unterhauses "durch ihre Abwesenheit geglangt". Rach ber Unerkennung bes Protectorats murbe im Saufe ber Gemeinen bie Anficht aufgeftellt, es vertrage fich nicht mit ber Freiheit der Ration, wenn ber Protector mit ber ihm überlieferten Macht auch noch die des andern Saufes vereinige, deffen Mit-

glieder er felbst ernenne. Gin Beto gegen die eigenen Beschluffe wollten fie einer

folden Rorperfcaft nicht zugestehen. Aber noch ebe biefe Streitfrage ausgetragen war, fturzte die gange parlamentarifde Schopfung in Ermmer.

Bahrend diefer Berhandlungen nämlich hatten fich die Truppen eigenmachtig Die Armee in der Rabe der Sauptftadt versammelt. Sie bilbeten eine heergemeinde, die bas Bewalt an Bewußtsein ihrer Dacht in fich trug. Als nun die Frage aber bas Berhaltniß bes Protectorats au ber Beerführerschaft feftgeftellt werden follte, reichten bie Offiziere eine "Remonstration" gegen die Berbindung ber beiben Gewalten ein: Dliver Cromwell fei querft Befehlshaber ber Armee gewesen, ebe er als Protector die burgerliche Regierung in die Band genommen; wenn um ber perfonfichen Eigenichaften bes großen Mannes willen biefe Bereinigung zugelaffen worben, mußte fie darum auch unter veranderten Berhaltniffen fortbefteben? Durch eine folche Concentration ber bochften Gewalten in Giner Sand wurde bie Freiheit ber Ration, für die fie Blut und Leben eingeset, aufe Reue ju Grunde gerichtet. Sie verlaugten, daß Richard bie oberfte Magistratur in ben brei Reichen vermalten, Die Armee aber ihre Anführer felbft mablen moge. Es fei genugend, wenn der von der Beergemeinde aufgestellte Obergeneral von dem Protector und Barlament feine Bestallung empfinge. Die Opposition ber Commons gegen bas "andere Sans", in bem viele Oberoffiziere Sig und Stimme hatten, verscharfte Die Abneigung des Beerforpers gegen bie Boltsreprafentanten. Die Berhand. lungen über die "Remonstration" waren febr erregt; viele bie mit ben militärischen Bauptern Diefelben religiofen und politifchen Tenbengen begten, fprachen fur bie Annahme, aber die parlamentarisch-republicanische Partei behielt die Majorität: Das Unterhaus erklärte. Berfammlungen von Offizieren ohne vorgangige Er- 1659. laubniß des Protectors und Parlaments für gesetwidrig; in dem Busammen. wirten ber drei Factoren sei die militarische Antorität begründet. Roch an bemfelben Abend begab fich Desborough an ber Spige einer Militarbeputation nach Bhiteball, um ben Protector jur ummittelbaren Auflösung bes Parlaments aufzuforden. Richard gogerte; er machte ben Berfuch, bem Eruppenforper andere Bewaffnete entgegenzustellen, in der hoffnung, baburch eine Spaltung in ben gegnerischen Reihen zu erzielen. Als aber die gange Armee, Bubrer wie Gemeine einmutbig jufammenftand, und felbft bie Leibmache den Protector verließ, unterzeichnete Richard bas Auflösungspatent und legte es in die Bande ber Beerführer. Als fich nun am anbern Morgen bie Gemeinen wieder verfammeln wollten, wurden fie an ber Thure von den Soldaten jurudgewiesen. Darauf berieth fich die Armee, ob die Protectorschaft als Civilamt fortbestehen follte. Die Oberften schienen nicht abgeneigt, Richard Cromwell zu dulben, vorausgesett daß er ihren Rathiciagen folge; aber burch bas Uebergewicht ber Offigiere unterer Grabe und der Gemeinen, benen ber Protector in politischer und religiofer hinficht ju gemaßigt war, entschied fich die Armee für die reine Republit ohne die Berrschaft eines Einzelnen.

Ginberufung Run lag alle Macht in ben Sanden ber Heerführer. Gie gingen mit ihren Det langen Rathe, mas jest zu thun Parlaments. Gefinnungsgenoffen aus dem aufgeloften Unterhaus zu Rathe, mas jest zu thun fei. Man tam überein; bas lange Parlament, wie es feit bem Reinigungsatt vom 3. 1648 bis zur gewaltsamen Auflosung durch Cromwell am 20. April 1653 beftanden, wieder einzuberufen. Das Bolt verhielt fich gleichgültig, als 7. Mai 1659. Anfangs Mai ein halbhundert ebemaliger Barlamentsglieder unter bem Bortritt ihres alten Sprechers Lenthall wieder das Sigungshaus bezogen. Bebermann wußte, daß das "Runmfparlament" nun noch mehr als früher nur ein Bertzeug in ber Sand ber Militarhaupter fei, ein Sauflein presbyterianischer und indevendentischer Manner, welche fofort die öffentliche Ertlarung ausgeben ließen, daß eine Regierungsform eingeführt werben follte ohne die Berrichaft eines Gingelnen, ohne Ronigthum und Oberhaus, und die Ginrichtung getroffen, "daß nicht allein das Eigenthum, sondern auch die Freiheit eines Jeden sowohl ale Der Sider Menich wie als Chrift gesichert werde." Bur Ausübung ber executiven Gewalt for festen fie einen "Sicherheitsausschuß" ein, bestehend aus acht Generalen und den drei Bortführern der Republitaner Bane, Sasterigh und Scott, und einen Staaterath von 31 Mitgliedern, 16 vom Militar und 15 aus bem Barlamente, barunter Brabfbam und Bhitelode. Statt bes großen Siegels bes Protectors bediente fich bie neue Obrigfeit des fruberen republitanischen. Die Beerführer 12 Mai gaben ihre Buftimmung zu der neuen Ordnung. Gie übertrugen bem General Rleetwood den Oberbefehl über die Landmacht und erließen ein Manifest, in welchem alle die Reformen in Ausficht gestellt waren, welche von jeher von den agitatorijchen Offigiervereinen und ben Borfechtern radicaler Religionsfreiheit begehrt worden maren. Die Rathgeber bes verftorbenen Brotectors Oliver und bie Rechtegelehrten, die fich feinem Spftem angeschloffen, wurden ihrer Stellen Richarbe beraubt. Die Sohne Richard und henry wurden zur Anerkennung der neuen Abbanfung u. Ausgang. republitanischen Berfaffung aufgeforbert. Der Erftgeborne entfagte willig dem boben Umte, zu dem ihm die Rrafte und Fahigteiten fehlten, als ihm von dem Staaterath ein ansehnlicher Sahrgehalt und andere bortheilhafte Bedingungen angeboten murben; ber jungere bagegen machte Berfuche, fich in Irland eine unabhangige Stellung au ichaffen; als aber die irlandische Armee nicht geneigt war, fich ale Bertzeug feiner ehrgeizigen Plane gebrauchen zu laffen, mußte auch er fich unterwerfen. Er verlor feine Burbe und ftarb im 3. 1674 in völliger Duntelheit auf englischem Boden. Auch ber altere Bruder Richard tam ju teiner Bedeutung mehr, obwohl in ben Birren ber nachsten Sabre noch einmal von feiner Biebereinsetzung die Rebe war. Als fich in der Folge berausstellte, baf er, wie auch fein Bruder Benry, mit der royaliftischen Partei Berbindungen angefnüpft, murde ihm der zugeficherte Unterhalt entzogen, fo daß er in Schulden

Barlament Aber wie follten zwei Gewalten, von benen jede die hochste Autoritat für entzweit fich in Anspruch nahm, die fich so oft feindlich gegenübergetreten, auf die Dauer

gerieth und bor feinen Glaubigern ins Ausland flieben mußte.

in friedlicher Uebereinstimmung bas Regiment in bem verwirrten und aufgeregten Staate führen? Go febr fich auch Anfangs das Barlament bemubte, burch Beldbewilligungen und Solberbobung die Bunft ber Urnice au gewinnen, fo febr es befliffen mar, auf dem Bege der Gefetgebung den Bunfchen ber Offigiere und der demotratischerepublikanischen Reformpartei zu entsprechen; dennoch tauchten bald Streitpunkte auf, die nothwendig jur Entzweiung führen mußten. Das Beer verlangte, um bei einem möglichen funftigen Umichlag vor jeder Strafe gefichert zu fein, daß durch einen Aft der Gesetzgebung Amnestie und Indemnitat über alles in der Bergangenbeit Geschehene ausgesprochen werde. Aber tonnten Manner des Rechts und bes Gesetes ohne eine volltommene Militarberrschaft anzuerfennen alle Gewaltstreiche, die unter und durch Crontwell verübt worben waren, gutheißen? Satten fie bamit nicht auch die Rechtmäßigseit des Protectorats jelbst anerkannt, das fie jo eben als ungejeplich verdammt hatten? Das Barlament jog die Berhandlungen in die Lange oder faßte Befchluffe, die den Berren 3ufi 1669. bom Militar nicht genügten. Schon ging aus Lamberts Mund die brobende Rebe aus: "Ich febe nicht ein, warum die Offiziere von der Gnade des Parlamente abhangen follen und biefes nicht vielmehr von der Gnade der Armee?" Es wurden allerlei neue Berfaffungsreformen in Borfchlag gebracht. Bugleich regten fich die Presbyterianer, die durch den Staatsftreich vom 3. 1648 aus dem Barlamente ausgestoßen worden und auch von der gegenwärtigen Berfammlung fern gehalten waren, und verlangten ihren Antheil am Staatsleben, und warum follten die Manuer, welche unter bem Protectorat im Parlamente und bei ben Staatsgeschaften thatig gewesen, nicht mehr mitwirken an ber Umgestaltung bes Bemeinwesens? So gab fich unter ben Republitanern eine Migftimmung, ein awietrachtiges factiofes Treiben tund, das ben Muth und die hoffnung der im Lande gerftreut lebenden Royalisten aufs Reue belebte. Und bereits maren geheime Rrafte in Bewegung, welche den ganzen republikanischen Apparat über den Baufen zu merfen drohten.

Bei der Berfahrenheit der öffentlichen Buftande gewann die Unficht von der Die royalt-Rothwendigfeit einer Restauration des Konigthums immer mehr Boden in Engabung unterland. Unter den Royalisten, die unversöhnt mit der Republit über das Reich zerftreut lebten, ihre Gefinnung in ber Bruft verbergend, hatten fich geheime Berbindungen gebildet, um den in den Riederlanden weilenden Ronig Rarl II. Unternehmende Blieder der alten Aristocratie, benen sich viele Malcontente aller Parteien anschloffen, gingen mit dem Plane um, fich mehrerer wichtigen Stabte an ber Rufte und im Innern ju bemachtigen und bon bort aus eine royaliftifche Erhebung im gangen gande ju organistren, bis Rarl, ber bon bem Anschlag unterrichtet mar, mit seinen Getreuen landen und fich an die Spite ber Aufftandischen ftellen murbe. Die politische Lage bes Continents, wo ber pprenaische Friede bem Abschluß nabe mar und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in Bruffel ber Stuartichen Partei mehr Borfcub leiften tonnte, ja felbst Magarin und

Turenne fich einer Berstellung ber Monarchie in England nicht abgeneigt zeigten. schien für bas Unternehmen gunftig zu sein. Man zweifelte nicht, bag bie Erscheinung des legittmen Fürsten und ein Aufruf an alle lohalen Herzen, einen allgemeinen Umfdwung ju feinen Gunften bewirten, und von allen Seiten Bewaffnete unter feine gabne ftromen wurden. Aber alle biefe Boffnungen und Anschläge wurden vereitelt; die Stunde bes royaliftifchen Triumphes war noch nicht gekommen. Dunkle Geruchte, Binke und Andeutungen zweideutiger ober verratherischer Mittviffenden schärften die Bachsamteit ber Regierung, aufgefangene Briefe verriethen bas Complot bor bem gur Erhebung beftimmten Termin; die Armee ließ ihren Streit mit dem Parlament ruben; Offiziere und Staatsrath verdoppelten ihre Thatigleit, um der brobenden Gefahr rechtzeitig zu begegnen. In den Grafichaften wurde die Miliz aufgeboten und durch regelmäßige Truppen verftärtt und zusammengehalten. Die febaratiftischen Congregationen, die burch eine royalistisch-episcopale Reaction in ihrer Existenz am meisten bedroft waren, ergriffen unter der Leitung bon Bane und Stippon die Baffen jum Schutze des bestehenden Regiments. Go konnten die Anschläge der Cavaliere im Reime erbrudt werben, ehe bie lette Berabredung getroffen und ber Beitpunkt fur eine planmäßige Schilderhebung an allen Orten eingetreten war. Bereinzelte Aufftande wurden durch die republikanischen Truppen niedergeworfen, ihre Aubrer in die Rlucht getrieben ober als Gefangene weggeführt. Selbst in Cheshire und Lancafbire, wo die Royalisten mit überlegener Macht ins Feld gerudt maren, trug 9. (19.) Mug. Lambert mit ben republifanischen Beteranen einen Sieg davon, wie einst Cromwell bei Rafeby und Marftonmoor. 3hr Anführer George Booth murde, als er in Frauenkleibern entweichen wollte, entdeckt und ins Gefangnis gebracht. Lord Mordaunt, einer der thatigften und ergebenften Unbanger Rarle, entfam ju feinem Berrn, mit dem er einen ununterbrochenen Briefwechsel unterhalten batte.

Damit zerrannen die Träume einer monarchischen Restauration: der Admiral Montague, der im Falle eines glücklichen Fortgangs der royalistischen Erhebung sich für den König erklärt haben würde, blieb in den Diensten der Republik. Die französischen und spanischen Staatsmänner, die auf der Bidassonisel den prenässen Frieden abschlosen, wiesen jede Unterstühung der Stuartschen Partei zurück; Condé, der bewassenet Hülfen, wiesen jede Unterstühung der Stuartschen Partei zurück; Condé, der bewassenet hurste (S. 87.). Roch einmal konnte die republikanische Regierung im Bunde mit den Generalstaaten ihre schiedsrichterliche Autorität im dänisch-schwedischen Krieg 3. Sert. geltend machen, und das Parlament eine neue Gloekformel beschließen, durch welche Zedermann sich verpstichten sollte, weder die königlichen Thronrechte der Stuarts noch das Haus der Lords anzuerkennen.

Neuer Streit awischen Aber wie bald sollte diese tepublikanische Glorie dahinschwinden! Raum Geerges war das rohalistische Complot durch die gemeinsamen Anstrengungen der bürgers meinde und militärischen Gewalten unterdrückt, so brach der Hader, der während der gemeinsamen Gefahr verstummt war, im republikanischen Herenaus. Die Offiziere, insbesondere die obersten Besehlsbaber Lambert und

Bleetwood, beren Anspruche und Gelbftgefühl durch bie neuesten Erfolge im Feld gewachsen waren, wollten dem Barlamente und Staatsrath teinerlei Autorität über die Beergemeinde zugestehen. Die Armee follte ihre Rubrer frei und felbständig mählen, die sich dann mit der bürgerlichen Magistratur in das Regiment theilen möchten. Diefer Militarberrichaft wollte bas Barlament, insonderheit Arthur Baslerigh, "ein herber Republikaner von murrifcher Außenseite und rud. nichtlosem Berhalten" ein Ende machen. Das Parlament fei die Reprafentation aller burgerlichen Gewalt, ibm muffe die Armee gehorchen. Gine Betition der vereinigten Offiziere, worin jene Forderungen gestellt maren, murde gurudigewiesen. und anftatt daß die Berfammlung die früher verlangte Indemnität bewilligt hatte, ging der Beschluß durch, alle feit der Auflösung des langen Parlaments erlaffenen Afte follten nur Gultigkeit haben, wenn fie von der dermaligen Boltsvertretung beftatigt worden feien, ein Befdluß, ber alles, mas unter dem Protectorat aeschehen war, in Frage ftellte, ben gesammten Rechtsauftand unficher machte. 3m Bertrauen auf die Beiftimmung einiger Oberften, insbesondere ber Generale Monk in Schottland und Ludlow in Irland, zu dem Grundsat, daß die bochfte Autorität bei ber parlamentarischen Obrigfeit stehe, ging die von haslerigh geleitete Majoritat noch einen Schritt weiter: fie entsetze Lambert, Desborough und fieben andere Anführer wegen Ungehorfams ihrer Stellen, beschränkte Fleetwoods Oberbefehl durch die Auftellung einer dem Oberfeldberrn wordinirten Commiffion, in welcher ber parlamentarifche Bortampfer felbft einen Sit batte, und bedrobte durch ein Decret über Die Forterbebung der Steuern Die Geldbezüge ber Armee.

Emport über folche Unmagung einer Rorperschaft, die dem Beere ihre Das Barle-Erifteng berdantte, rief Lambert die Truppen zu einer Berfammlung, und als fprengt. nich fubrer und Gemeine bereit ertlarten, für ihren General zu leben und zu finben, jog er nach der Sauptstadt und besetzte Westminfter. Und nun wieder- 12. Dit. bolten fich die bekannten Scenen. Die städtische Miliz wurde am Busammentreten verhindert, die Garde des Parlaments schloß fich an die Baffengefährten an; lelbft die Oberften, auf welche Saslerigh und feine Genoffen gerechnet, wurden bon dem tamerabichaftlichen Gefühle forigeriffen. Als am nächsten Morgen der Sprecher Lenthall und die übrigen Mitglieder fich an dem Sigungshaus einfanden, wurden sie zuruckgewiesen. So vollzog sich ein neuer revolutionärer Staats- 13. Die. ftreich, ohne daß ein Eropfen Bluts vergoffen ward. Jest waren Fleetwood und Reue Sicher-Lambert Reister der Republit, jener ein Mann von untergeordnetem Geift und kon. Charafter, nur fart durch feinen religiösen Fanatismus, der auch im Heer einen weiten Boben batte, dieser ein tapferer Rriegsmann im Feld und auch auf politifdem Gebiet gewandt und erfahren. Gin ftandhafter Berfechter der Gelbstandigkit des Militars, besaß er mehr als irgend ein anderer General die Gunft der Goldaten. Bleetwood und Lambert beriefen nun einen Generalrath ein, um eine neue Ordnung festauseben. Bon diesem wurden die letten Parlamentebeschluffe

für null und nichtig erklärt und statt des aufgelösten Parlaments und Staatsrathes wieder eine "Sicherheitscommission" ernannt, welche die ganze bürgerliche
und ezecutive Gewalt besitzen sollte. Sie bestand aus den Häuptern der Armee,
dreizehn an Bahl, voran Lambert, Fleetwood, Desborough, Ludlow, und zehn
Civilisten, unter ihnen Bhitelocke als Siegelbewahrer und Henry Bane. Um
diese Zeit lag Bradshaw, der Präsident des Staatsraths im Sterben. Er raffte
seine letzten Kräste zusammen, um gegen die Gewaltsamkeit des Militärs Protest
zu erheben. Aus der Sicherheitscommission wurde ein engerer Ausschuß ernannt,
um eine neue republikanische Bersassung zu entwersen.

Berfaffungetheorien.

Bei der Aufregung der Geifter in diefer verwirrten herrenlofen Beit tauchte eine Menge von Entwurfen auf, wie man die Belt orbnen und regieren folle. Aus ber Geschichte bes griechischen und romischen Alterthums, aus ber Beiligen Schrift, aus ben Theorien bes Berftandes und ben Gebilden ber Phantafie sammelte man Elemente zu Staatsformen und Instituten, in die man bie realen Buftanbe, die Errungenschaften ber religiofen und politischen Rampfe, Die Borrechte und die Ausschließung gewiffer Parteien und Rlaffen einfügen wollte. Balb trat ein engherziger Seltengeift zu Tage, welcher ben Separatiften ber ftreng puritanischen Richtung, ben Independenten, Anabaptisten, Mannern der fünften Monarchie, Quatern, auch die Berrichaft biefer Beit ober doch einen Borrang in berfelben beilegen wollte; balb erhob eine freiere an den Studien des Alterthums genährte Richtung bie Stimme für Tolerang und Religionsfreiheit in engerer ober weiterer Begrangung. Aber wie ein inftinctives Gefühl, bag alle biefe neuen politischen und firchlichen Schöpfungen und Theorien aufammenfturgen wurden unter ben Schlagen bes Ronigthums und ber bifcoflicen hierarchie, ging burch alle Entwürfe und Berfaffungsvorschläge eine ftrenge Antipathie gegen Ropalis. mus und Episcopalfpftem. Und icon maren biefe beiben Machte ihrer Auferftehung nabe, als bie Manner bes Schwerts und ber Rechtsgelehrfamkeit barüber nachfannen, welche Inftitute man an ihre Stelle fegen follte. Bahrend man bie Rudfehr ber Gespenster aus ber geisterhaften Berborgenheit in bas Licht und Leben der Birflichkeit burch Bannungeformeln zu verhindern fuchte, batten biefe icon Bleifch und Blut gewonnen und zogen bereits zum Tobestampf beran, Unfangs noch verborgen und unfichtbar.

# b. Politifche Brrgange.

Lambert und Mont. Daß ein so zersahrenes, zerrüttetes Regiment keinen Bestand haben könne, leuchtete allgemein ein. Schon bei ber letten mißlungenen Schilderhebung ber Royalisten war es zu Tage getreten, daß in der Ration ein tiefer Biderwille gegen die militärisch-parlamentarischen Machthaber herrsche, daß die hinneigung zu dem angestammten König, von dem man allein die herstellung geordneter Bustande erwarten könne, unter allen Klassen verbreitet sei. Ranke weist nach, daß selbst Lambert, obwohl er sich jest mehr als je den separatistisch-republi-

tanifden Giferern angeschloffen, mit bem Gebanten einer Restauration ber Rouigsfamilie umgegangen sei. Es sei unter der Bermittelung bes ropalistischen Rluchtlings Mordaunt von einer Bermablung feiner Lochter mit bem Bergog von Bort bie Rebe gewesen. Durch folde Auszeichnung und burch Buficherung perfonlicher Bortheile und Rangerböhung murbe fich ber ehrgeizige General haben bewegen laffen, seine gange Bewalt für die Berftellung des Stuartichen Thrones einzuseten. Aber biefer Umfdwung follte von einem andern Manne ausgeben, von Georg Mont, einem Landebelmann aus Devonshire, ber wie wir gesehen im Auftrage Cromwells Schottland vollends unterworfen und es seit acht Sabren rubig regiert hatte, ohne an ben Gewaltschritten und Bechselfallen, Die feitbem in England vorgetommen, Theil genommen zu haben. Cromwell hatte volles Bertrauen in ihn gefest, und Mont mar bemfelben auch ftete treu und ergeben neblieben. Selbst an dem Sohn Richard hatte er festgehalten, "bis biefer fich selbst aufgab". An bem Juliaufftand ber englischen Ropalisten hatte er feinen Antheil. Als aber ber Bwiespalt zwischen ber Armee und bem Barlamente ausbrach, Fleetwood den Oberbefehl über die drei Reiche ansprach, da bielt Mont au der burgerlichen Magistratur und befannte fich au dem Grundsat, daß es eine bochfte Gewalt geben muffe, ber die Armee zu gehorchen habe. Durch eiserne Disciplin hielt er die Truppen an feine Berfon gefeffelt, alle unzuverläffigen Offiziere, alle Separatiften und Beiligen, die durch religiofe Sympathien an Aleximood und feine Genoffen fich geknupft fühlten, wurden aus bem Seere und aus ben Garnisonen ber Festungen entfernt. Gin fluger, im Feld aufgewachsener Mann, ohne religiofe Begeisterung und politische Ibeale, trug Mont fein Bebenten, die Fabne ju wechseln, wie er icon fruber mehrmals gethan. Er mar entichloffen, Die Restauration des Ronigthums zu begunftigen, stand auch bereits mit einem Ebelmann aus ber Umgebung bes Ronigs in Berbindung; aber er hielt mit feiner Gefinnung und feinen Abfichten forgfältig gurud, bamit nicht unter ben Truppen ber republikanische Beift und die Sympathien mit den eng. lifden Rameraden gewedt murben. Lambert faßte Mißtrauen gegen ben Befehls. haber im Rorden, der fich für die parlamentarische Autorität erklart hatte und au den Bresbyterianern bielt. Um ihn naber au beobachten, aog er mit einer Abtheilung bes Beeres in die nördlichen Grafichaften, nach Bort und Rewcaftle. Co ftanden benn unweit der ichottischen Grenze die beiben Beerführer fich im Felbe gegenüber, ohne boch bas Schwert wider einander ju guden, Gegner und Rivalen in politischen und religiösen Anfichten und boch beibe insgeheim bereit ber toniglichen Sache ihren Arm ju leiben. Es mar zweifelhaft, welcher von beiben bas Feld behaupten murde, der bewegliche, hochstrebende Lambert ober ber ruhige, umfichtige Mont. Bener, eine uneigennützige Ratur, erfreute fich ber Buneigung ber Goldaten, biefer, weniger freigebig, ja nicht ohne einen Anflug von Sabfucht, wußte die Truppen durch ftrenge Mannegucht in Gehorfam zu halten. Aber in

# 248 B. Das brit. Reich unter ben erften Stuarts u. als Republit.

Rurgem verschwand dieser Bweifel;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und der Gang der Dinge erklärten fich ju Gunften Mouts.

Opposition Denn mahrend Mont durch seine presbyterianisch-parlamentarische Sesimung sich Willedstere die Sympathien der Schotten erward, so daß eine von ihm berusene "Convention" eine schafte namhaste Geldhülse zur Erhaltung seiner Armee dewilligte, mußte Lambert zu Iwangsaussagen und Einquartierungen schreiten, wodurch der Biderwille des Bolts gegen die Soldatenherrschaft gemehrt ward. In Vortssie dewassnete sich die Gentry, um unter der Führung von Fairsag den Erpressungen der Truppen Biderstand zu leisten. Achnliches geschah in Portsmouth und an andern Orten. Allenthalben wurde der Auf nach Wiedereinsehung des Parlaments laut; die und da verabredete man sich, keine Abgaben zu entrichten, die von einer andern Staatsgewalt als der Volksvertretung ausgeschrieben würden. Am 2. December wurde in London ein Buß- und Bettag abgehalten, um die Gnade Gottes anzusehen, da die Jundamente der Regierung zerstört seien. Selbst bei der Armee trat ein Umschwung der Gesinnung ein. In der Hauptstadt kamen die meisten Regimenter, Oberste und Gemeine eigenmächtig zusammen und sasten den Bc-

ehemaligen Sprechers Lenthall und richteten das Ersuchen an ihn, er möge das alte Rumpfparlament wieder einberufen. Sofort nahmen die in der Haupfstadt anwesenden 26. Deckr. Mitglieder ihre Size wieder ein. Bald erschien auch Hallerigh aus Portsmouth, wo eine ahnliche Bewegung eingetreten war. Er nahm den Borst in dem neuen Staats-

eine ähnliche Bewegung eingetreten war. Er nahm den Borfis in dem neuen Staatsrath, den Parlament und Heergemeinde gemeinschaftlich einsesten. Der Grundsag, daß die Armee der bürgerlichen Gewalt zu gehorchen habe, wurde allgemein anerkannt.

Dieser Umschwung vollzog sich ohne alle Mitwirkung von Lambert und Gefangens Dieservood, die voll Mistrauen auf einander keine gemeinschaftlichen Maßregeln verabredet hatten. Der erstere zählte auf die Anhänglichkeit seiner Truppen und gedachte sich im Commando zu halten, die seine Unterhandlungen mit dem Emigrantenhof in Brüssel zu einem befriedigenden Abschluß gekommen wären; als jedoch Abgeordnete von dem neuen Generalrath bei Lamberts Heer eintrasen und dasselbe aufforderten, das militärisch parlamentarische Regiment, das in London aufgerichtet worden, anzuerkennen, fanden sie günstige Aufnahme. Bie hätte die geringe Ariegsmacht, von Norden durch Mont, von Süden durch Fairfax bedroht, dem Willen der Kation widerstehen sollen! In Aurzem sah sich Lambert von seinen Soldaten verlassen; nur fünszig Getreue solgten ihm. Da blieb auch ihm nichts anderes übrig, als sich der neuen Obrigkeit zu unterwersen. Er wurde zuerst nach Durhamssier verwiesen, dann in den Tower gebracht.

Mont in Run verließ Mont die Bauernstube an der schottischen Grenzmarke, die Kondon.

10600 ihm disher als Wohnung gedient, und rückte am Reujahrstag in England ein. Fairfax, mit dem er in Vort zusammentraf, wurde bewogen, seine Freiwilligen 11. Ian. aufzulösen. Der alte General der Republik, der sich dem Royalismus zugewendet, war geneigt, schon jest die königliche Fahne aufzupflanzen; aber Monk hielt ihm von dem Vorhaben ab, sei es, daß er es noch länger mit dem visherigen Regimente versuchen wollte, sei es, daß er die Sache noch nicht für reif hielt. Das Parlament setzte kein Mistrauen in Monks republikanische Gesinnung, die

er bei jeder Gekraenheit offen ansfprach. Als er fich schon ber Hauptstadt naberte, gab er einigen Befchwerbeführern gur Antwort: "bie Monarchie mit ber alten Uniformitat von Rirche und Staat fei in England nicht mehr möglich." Auf den Ruf der parlamentarischen Obrigfeit zog er in Bestminster ein und wurde 2. Bebr. jum Generallieutenant ber Republit und jum Mitglied bes Staaterathe ernannt.

Run war bas Rumpfparlament wieder in Autorität, die Armee gehorchte Rumpfparibm, ber Sicherheitsansschuß suchte Rube und Ordnung aufrecht zu halten, ber City. Oberfeldberr ber bewaffneten Dacht ließ es nicht an Beichen ber hingebung und Chriurcht gegen die Stellvertreter ber bochften Bewalt fehlen. Aber die Fundamente wantten, die Rechtsbafis war zweifelhaft. Eragt benn bie fleine Bersammlung, die fich Barlament nennt, den Charafter einer Rationalrepräsentation ? fo borte man die Ungufriebenen fragen; follen einige Manner, mehrentheils Mitglieder feetirerischer Congregationen, bas Recht haben, Gefete ju machen und Steuern aufzulegen? Immer allgemeiner wurde ber Ruf nach einem neuen Barlamente, das nach freiem Bahlrecht berufen, von dem feine religiöse ober politische Bartei ausgeschloffen werben follte. Richt langer könne man bulben, daß bei der Unficherheit der Regierung die Rechtspflege noth leide, Haudel und Geverbtbatigfeit flode, Befit und Gigenthum Gefahr laufe. Befonders icarf trat die Opposition gegen das militärisch parkamentarische Regiment in der Sauptftadt zu Tage. Dhne fich um ben Sicherheitsausschuß und die andern Organe ber Regierung zu fummern, gab fich bie City einen neuen Gemeinderath und rief bie ftabtifche Milia wieder ins Leben : Die Lehrburschen und Bandwerter, die einst so entschieden gegen Königthum und Spiscopat Partei genommen, schritten jest zu feindseligen Demonstrationen gegen bie republikanische Obrigkeit. Es tam zum Sandgemenge innerhalb ber Stadt, die Stragen wurden mit Retten gesperrt, die Citathore geschloffen. Die Altburger wollten nichts von einem Separatiften-Parlamente wiffen, aus dem nicht blos Rogaliften und Episcopale fondern felbst Bresbitterianer ausgeschloffen feien. Im Stadtrath murbe ber Sat aufgeftellt, die City fei zu keiner Auflage verpflichtet, bis ihre Deputirte die ihnen gebührenden Site im Reprafentantenbans eingenommen batten.

Diefe Opposition war eine Rundgebung royaliftischer Gesimung, die all. Royaliftische mahlich in alle Rlaffen ber Cinwohner eingebrungen war. Satte Anfangs bie bei ber Lone Furcht vor einer politischen und religiosen Reaction, die mit der Berftellung des gerfcaft. Königthums verbunden fein möchte, viele Burger, welche früher als eifrige Anhänger des Parlaments fich gezeigt, bei der Republik festgehalten; so war jest diese Furcht verschwunden, feitdem Lord Mordaunt im Ramen seines Gerrn ber Stadt die Berficherung gab, daß die alten Hochverrathsgesetze weber gegen die Gesammtheit noch gegen Gingelne in Anwendung gebracht werben murben, daß der König, wenn er den Thron feiner Bater wieber erlangt hatte, ber Sauptftadt ihre alten Borrechte bestätigen und alles, was geschehen, mit bem Schleier ber Bergeffenheit bedecken würde. Auch das Gerücht, Karl II. fei im Exil katholisch

geworben, wurde als Luge und Berleumbung gurudgewiesen; ber Furft halte fest an bem Bekenntniß ber englischen Rirche, werbe aber bem Gewiffen ber Undersgläubigen feine Gewalt anthun laffen.

Mont gegen

Sollte bas Rumpfparlament bie fo anmagenb bervortretende Rundgebung oppositioneller Gefinnung bon Seiten ber Sauptstadt und ihrer Behorben rubia binnehmen? Dann war es um feine Autorität gescheben : Die benachbarten Grafichaften maren ber Steuerverweigerung beigetreten; woher batte man die Dittel ju ben Bermaltungetoften und fur ben Gold bes Beeres hernehmen follen? Es wurde der Beschluß gefaßt, die Stadt zu zuchtigen und bas Strafgericht bem General Mont zu übertragen. Durch biefen Auftrag hoffte die parlamentarische Regierung, die gegen Monts Gefinnung bereits Digtrauen gefaßt, ben General fefter an ihre Sache ju tnupfen. Die ftrengrepublitanische Partei batte Anftos genommen, bag ber Felbherr, bei aller außerlichen Chrerbietung boch eine febr selbständige Saltung zeigte, baß er bei ber Aufnahme in den Staatsrath ben von biefer Naction vorgeschriebenen Gib, bem Ronig und bem gesammten Saufe Stuart abzusagen, mit einigen andern verweigert hatte, daß er bei verschiedenen Gelegenheiten Milbe und Magigung gegen Anderegefinnte empfohlen. mußte er garbe betennen. Uebernahm er ben Auftrag, fo mußte er mit ber Republit auch ferner Band in Band geben; bann war es um feine Popularitat bei den Röniglichgefinnten in ber Londoner Bürgerschaft und im ganzen Lande und bamit um feine unabhangige Stellung gefchehen. Es mar ein Bagftud; aber für den Fall, bag er fich ju den Gegnern ichluge, durfte bas Parlament mit Sicherheit erwarten, daß ein Theil des Beeres fich von ihm losfagen murde : benn noch mar die republikanisch-sectiverische Gefinnung weit verbreitet unter den Truppen, und mehrere Oberften batten ben Sauptern der ftrengen Faction den 8. Febr. Beiftand ihrer Regimenter zugefichert. So erhielt benn Mont ben Befehl, in bie City einzuruden, alle Befeftigungen ju gerftoren und bie bom Staaterath bezeichneten Rührer ber Opposition in Saft zu nehmen. Der General tam bem Befehle nach, fo fcwer ibm ber Auftrag auch fallen mochte; er mußte Berr ber Situation zu bleiben suchen, wenn er feinen geheimen Plan burchfegen wollte. Raum aber fab bas Barlament bie Stadt im Befige ber Truppen, fo fuchte es ben Sieg zur Befeftigung feiner eigenen Machtftellung zu berwerthen. Der Stadt. rath wurde für aufgelöft ertfart und follte nach einer Bablform, die alle unguverlässigen Burger ausschloß, neu jusammengesett werben. Auf Anregung bes betannten Lobegott Barebone faßte das Parlament den Befdluß, die Armee unter eine Commission zu stellen, bamit ibm bie militarische Gewalt nicht wieder entwunden werden möchte. Man wollte die Früchte des Sieges auf Roften des Siegers felbft einthun. Die Manner, Die auserseben waren, neben Mont in ber Militarcommiffion au mirfen, Sasteriah, Aleetwood u. a. gaben Beugnis, bas das Regiment auf immer bei bem Rumpfparlament erhalten werden follte.

Dies war aber nicht die Meinung des Felbherrn; so weit wollte er in seiner Mont fagt Unterwürfigfeit nicht geben. Rach einer Besprechung mit seinen Oberften und Barlament einigen andern Bertrauten richtete er ein von ben angesehensten Offizieren unterzeichnetes Schreiben an das Parlament, worin ausgeführt war, daß die Armee, als fie die Baffen fur die Erhaltung ber obrigkeitlichen Autorität ergriffen, augleich die Freiheit der Ration habe retten wollen; fie verlange, daß die erledigten Site durch Ginberufung ber fruberen Mitglieder ergangt und dann neue Bablen ju einer freien Rationalreprafentation ausgeschrieben wurden; ein permanentes Parlament entspräche weber bem Rechtsherkommen noch bem Willen des Landes. Binnen acht Tagen follten die Ausschreiben für die vacanten Blage erlaffen werben. Die Manner bes parlamentarischen Rumpfes gingen barüber zu Rathe, aber die extreme Raction trug den Sieg davon; man bestand auf der Militarcommission: Mont follte in feinem Oberbefehl beschränft, seine Thatigkeit labm gelegt werden. Diefes Borgeben einer berrichfüchtigen anmagenden Partei beftimmte den Obergeneral fich von bem Barlamente loszufagen; die meiften Offiziere waren mit ihm einverftanden und verficherten ihn, daß die Armee zu ihm stehen würde; die Undankbarkeit des Rumpfes habe eine Bandlung in der Gefinnung erzeugt. Darauf wurde ber Stadtrath, der fo eben durch Parlaments. befolus aufgeloft worden, eigenmächtig bon bem General zusammenberufen. Bie erstaunten bie Bertreter ber City, als fie aus bem Munbe ihres Ueberminbers vernahmen, bag er biefelben Forderungen, um berentwillen er fie am borbergebenden Tage befampft habe, an bas Parlament geftellt, bag er entichloffen sei, mit ihnen gemeinschaftliche Sache zu machen. Ein unermeßlicher Jubel brach auf diefe Runde in ber Stadt aus; Die Bloden wurden geläutet, bas Bolt gundete Freudenfeuer an; mit zweideutigem Bigwort verspottete man bas "hinter-Barlament". Man tractirte die Soldaten mit gebratenen hintervierteln.

### c. Burudberufung bes Ronige

Run war Mont, der Oberbefehlshaber Meister der Situation. Aber auch Bort, Gert jest noch bermied er jebe Uebereilung und hielt fich in ben Schranten ber Befete. tion. 1660. Bunadft wurde bas Barlament genothigt, die bor zwölf Sahren ausgeschloffenen Mitglieder wieder in ihre Mitte zu rufen. Die Berpflichtung auf die Republit, welche die am weitesten vorgeschrittene Bartei als "Qualification" des Eintritts feftzuhalten fuchte, fand teine Geltung. Es waren meiftens Presbyterianer, Die unter bem Schutze ber Armee ihre alten Site wieder einnahmen und mit ben 24. 8ebr. gemäßigten Mitgliedern bereinigt die Mehrheit bes Saufes bilbeten. Saslerigh und fein engerer Anhang ichieben grollenden Bergens aus. Die kurglich gefaßten Beidluffe bes Rumpfes wurden fofort fur nichtig erflart, Mont jum oberften Befehlshaber ber gesammten Landmacht in ben brei Reichen ernannt und zum Borfigenden des neuen Staatsrathes, worin nur wenige der bisherigen Mitglie-

ber Aufnahme fanden; ber Londoner Stadtrath wurde bestätigt, die Organijation der ftabtischen Miliz in feine Sand gelegt, die Berftellung der Thore angeordnet.

Celbftauf-

Roch war von der Rudberufung des Königs teine Rede: Mont hatte teine losung bee langen Bars Aeußerungen gethan, keine Sandlungen vorgenommen, die auf die Absicht einer laments. Officenstien hatten hindeuten kannen foine Nerbindungen mit der Emigration 16. Marg Restauration batten bindeuten konnen; seine Berbindungen mit der Emigration waren nach dem turgen Berfuch in Schottland unterbrochen worben; die Ropaliften waren teineswegs ficher, welchen Musgang Die Bewegung nehmen werbe. Es ichien, als ob Mont teinen anbern 3med babe, als fich ben Gegenwirfungen einer ibm feinbseligen Partei im Barlamente zu entziehen, und bag er, nachdem Diefes Biel erreicht mar, mit ben republikanischen Formen wie einft Oliver Cromwell fortzuregieren gebente. Aber burch bie Berbindung mit ber Londoner Burgerschaft, die ihrer Mehrheit nach ropalistisch gefinnt mar und ben Gebanten einer Fortsetzung ber republikanischen Regierung mit Abschen von fich wies, wurde er in eine Bewegung gebrangt, die ihrer eigenen-Strömung folgte und auch ihn mit fich fortriß. Den einberufenen Barlamentsgliedern batte Mont die Bufage abgenommen, daß fie ju einer legalen hinüberleitung ber Staatsverfaffung in geseglich geordnete Buftande behülflich sein wollten. Dies tonnte nur burch die Auflösung des langen Parlaments und die Anordnung neuer Bahlen zu einer freien Rationalreprafentation ohne alle beschrantende Bedingungen, ohne aum Boraus geforderte Cidesformeln ober Berpflichtungen ins Bert gefett werben. Das verftartte Saus tam nach einigen Bersuchen, bem Presbyterianerthum Die tunftige Berrichaft ju fichern, bem Buniche bes Generals nach : nachbem es ben Schwur auf eine Berfaffung obne Ronig und Lords abgeschafft und neue Bablen ausgeschrieben, wobei weber politische noch religiose Aufichten als Grund ber 16. Marz. Ausschließung angeführt maren, lofte fich bas lange Parlament, bas feit zwanzig Jahren die Geschicke des Reichs bestimmt, so viel gethan und gelitten, so oft begraben und wieder ins Leben gerufen worden war, für immer auf. Damit mar die republitanische Staatsform aufgegeben: benn bei ber borberrichenden Stimmung bes Landes mar ber Ansfall ber neuen Bablen vorauszuseben.

Rrifte unb Ontidel:

Dag nun ber Ronig gurudgerufen, Die monarchische Ordnung wieber berbung. gestellt merben murbe, mar taum mehr zweifelhaft; nur über die Art und Beife, wie dies zu geschehen habe und unter welchen Bedingungen, bereschte noch Deinungeverschiedenheit. Die Presbyterianer, von benen einst die 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gegen ben Absolutismus in Staat und Rirche ausgegangen und die auch jest noch eine bedeutende Stimme in den regierenden Gewalten befagen, suchten ihren politischen Liberalismus und ihre synodale Rircheneinrichtung jur Beltung ju bringen. Sie meinten, man folle ben Sohn auf die Bedingungen verpflichten, die einft fein Bater auf der Insel Bight angenommen hatte. Damit mare die Militargewalt und die Bergebung der hohen Burben und Aemter von ber Buftimmung ber Bertreter ber Ration abbangig geblieben, Die Brarogative ber Krone in ihren wichtigsten Befugniffen beschränkt worden. Aber weber im Staatsrath noch bei ber City vermochte biefe Anschaumg burchzubringen. war man ber Meinung, man folle Rarl II. einladen, unberweilt nach England gurudgutebren und fein konigliches Umt angutreten, ohne ihm die Bande burch Bedingungen zu binden; nur in der Form von Betitionen folle man ihn erfuchen, bag er eine allgemeine Amnestie ertheilen, die Rudftande ber Armee bezahlen und bie Berichiedenheit ber religiofen Anfichten gelten laffen moge. Dazu folle man schreiten, ebe bas neue Parlament feine Sigungen eröffne. Bei biefem Bwiespalt ber Meinungen lag bie gange Butunft in Mont's Sand. Die puritanisch-republitanifche Faction war nicht abgeneigt, ihm zur Erneuerung des Protectorats, wie es einft Cromwell befeffen, behülflich ju fein. Bei bem großen Anhang, ben biefe Bartei immer noch bei der Armee hatte, ware ber Plan wohl durchführbar gewefen: viele Offiziere faben mit einiger Unruhe auf die royaliftische Bewegung: fie waren in Sorge, daß man fie wegen ihrer früheren Sandlungen gur Rechenschaft ziehen, ihre Erwerbungen aus ben öffentlichen Gütern nicht anerkennen möchte. Allein Mont mar von gemeinerem Stoff geschaffen als der gewaltige Independentenführer, ber ohne Gewiffensbedenken und Loyalitätsgefühl ben engfifden Thron umgeftogen und bas geweihte Ronigshaupt gefällt hatte: Mont bedurfte einer hoberen Autoritat, ber er fich unterordnete; auf dem Gipfel ber Macht schwindelte ihm. Er hatte bisher willig die biltgerliche Gewalt des Parlaments als die höhere auerkannt und fich erft losgefagt, als fie in haltlofe Berfahrenheit gerieth; jest beschloß er, ale Ritter des Konigthums aufzutreten und bie Rrone, die er anzubieten hatte, möglichft unverfehrt und glanzend in die Bande bes legitimen Berrichers ju legen. Um fo größeren Dant burfte er bann für fich selbst erwarten. So trat er den royalistisch-absolutistischen Tendenzen des Staatsrathe und der City bei. Gine agitatorifche Bewegung, Die fich auf bas Gerücht von feinen Reftaurationsgebanten bei einigen Regimentern zeigte, wurde wieber wie einft in Schottland durch feine Entichloffenheit und eiferne Disciplin unterdrüdt.

"Selten hat die Borfehung in eine sterbliche Hand so viele Entscheidung Mont's Botgelegt als in Monts. Er tonnte die Erfahrungen bes langen Parlaments be- Ronie nugen, beffen verhangnigvolle Brrthumer in Staat und Rirche vermeiden, einen Rath ertheilen, der in seinem Munde fast Borschrift war. Allein der General hatte fich ein gemeines Lebensziel gesteckt." Umsonft warnten wohlgefinnte Freiheitsfreunde, bas Errungene nicht unvorsichtig aufs Spiel zu seben, und der blinde Dichter Milton erhob zum lettenmal als "Prediger in der Bufte" feine fraftige Stimme gu Gunften einer republifanifchen Bundesverfaffung ; ber "bollendete profaische Beuchler", unterftutt von dem Rufe bes nach Rube und gefet. licher Ordnung fich sehnenden Boltes, bot die Konigstrone ohne Machtverminberung an. Im tiefften Beheimniß schickte Mont feinen Landsmann aus Debonibire Sir John Grenville nach Bruffel und ließ bem König fagen, "in feinem

Bergen fei er ihm immer treu geblieben : ihm einen Dienst zu leiften biete fich aber jest erft die Gelegenheit bar; er sei bereit, nicht allein seinen Befehlen zu gehorchen, sondern fein Leben in feinem Dienft aufzuopfern". Bugleich gab er bem Bertrauten ben mundlichen Auftrag, ben Ronig von ben Bunfchen ber City in Renntniß zu fegen, er moge Amnestie und Gewiffenefreiheit gemabren, ben Berfauf ber eingezogenen Guter genehmigen und bie Auszahlung bes rudftanbigen Soldes an bas Beer aufichern.

Die Declas ration vor Opposition

Belde Freude erhob fich im Boflager des Stuart über die Botfchaft des Gene-Breba. Lebte rale! Er begab fich fofort nach Bolland, um der fatholifch-fpanifchen Atmofphare zu entrinnen. Auf der Reise nach Breda wurde die Declaration abgefaßt, in welcher Rarl die verlangten Busicherungen gemährte. Die Soldrudftande wurden badurch gewährleistet, daß der Ronig die Armee in seine eigenen Dienste nahm; dagegen wurde auf den Rath von Coward Spote, in der Folge Bergog von Clarendon, ber bem Ronig mabrend bes Exils als Rangler biente und fein ganges Bertrauen befaß, den brei ersten Buntten die Buftimmung des funftigen Barlaments als Bedingung beigefügt. Bu biefem waren bereits die Bablen im Sang. Bresbyterianer und Ropalisten strengten alle Rrafte au, Manner von ihrer Farbe in bas Saus zu bringen. In ben Ausschreiben bieß es, Riemand durfe gewählt werden, der die Baffen gegen die Republit getragen! Aber wie viele Royalisten, bie einft unter ben "Cavalieren" bes Ronigs gebient, erhielten in ben Grafichaften Die Stimmenmehrheit! Roch einmal versuchte die Bartei der strengen Republitaner und Sectirer bas Glud ber Baffen. Lambert wurde aus bem Tower befreit und sammelte einige Schaaren Bleichgefinnter unter feiner Fabne; er hoffte feine Stimme murbe auf die Truppen noch die alte Macht ausuben. Als

- 24. April es aber jum Treffen mit bem Montichen Oberft Ingoldsby fain, verließen ihn Die Einen, Die Andern ftredten die Baffen. Lambert mußte fich ergeben und
- 25. April, manderte in ben Lower gurud. Am folgenden Zag versammelte fich bas Bar-Rach ber Eröffnung traten bie Lorbs nach eigenem Recht zu einem Dberhaus zusammen, wie in ber toniglichen Beit, und Riemand wehrte ihnen. Run erfchien John Grenville mit ben an bas Parlament, an Mont, an bie Armee und die City gerichteten Sanbichreiben des Ronigs nebst der Declaration. Als die an die beiben Saufer gerichteten Schriftstude fammt bem Manifest perlefen waren, beschloffen diefe: "da nach den alten Grundgefegen von England die Regierung bei bem Ronig, den Lords und den Gemeinen bestehe, den Landes. fürsten einzuladen, daß er tomme und die Rrone empfange, zu welcher er geboren". Einige Presbyterianer tamen auf die alten Antrage gurud, daß man bie Brarogative ber Krone mit gesetlichen Schranken umgeben, jum boraus gewiffe Garantien gegen Rechtsverletzungen verlangen folle. Aber Mont erflarte, wenn Die Rudfehr bes Ronias verzogert murbe, konne er für die öffentliche Rube nicht einstehen. Jest sei feine Beit ju folden Untersuchungen, welche bie Brietracht ber verfloffenen Sabre gurudführen murben. Der Ronig tomme ohne Armee und

ohne Geld, tonne also weder Bestechung üben noch Schreden einjagen. Man solle mit ben Berhandlungen bis zu feiner Antunft marten.

Run berftummte jeder Biderfpruch. Man überfandte dem Ronig und feinen Der Ronig gur Rudlebr beiden Brudern Bort und Glocester beträchtliche Geldsummen; man ftellte bas eingelaben. fonigliche Bappen wieber ber, nahm ben Ramen Rarls II. in bas Rirchengebet auf und bestimmte, um jebe Erinnerung an bas Pringip ber Rationalsouveranetat ju verwischen, daß ber Anfang feiner Regierung von dem Todestage feines Baters gerechnet werben folle; benn von biefem Augenblid an fei die Rrone von Rarl I. auf Rarl II. nach Geburt- und Erbrecht übergegangen. glangenden Deputation ber beiben Saufer gur Rudtehr eingeladen, beftieg ber Konig mit feiner Umgebung die britische Flotte, die unter Montagues Oberbefehl bei Schebeningen bor Anter lag, und feste über ben Ranal. Bei feiner Landung in Dober empfing ibn General Mont an der Spite feiner Offiziere in der 25. Mat. demuthigen Saltung eines loyalen Unterthanen. Um 29. Dai feinem 30. Ge- 29. Mai burtstag hielt Rarl II. feinen Gingug in die glangend geschmudte hauptstadt, begrußt von einem jubelnden, jauchzenden Bolte. Er empfing in Beftminfter von dem Parlamente den Gib der Treue und des Supremats und versprach die Privilegien ber beiben Saufer zu achten und auf bas Blud bes Bolles zu finnen.

### 3. Das erfte Jahr der Restauration.

Aber es zeigte fich bald, wie wenig Rarl aus bem Schickfal feines Baters Reactionare gelernt hatte. Schon auf der Ueberfahrt bemerkte er mit Mißfallen, daß einige Sandlungen. Shiffe Ramen trugen, die an Siege bes parlamentarischen Heeres erinnerten; er gebot, daß diefe Bezeichnungen abgeschafft und burch Ramen ropalistischen Klanges erfest würden. Diefelbe Tendenz burchzog seine ganze Regierung: das erbliche Konigerecht von Gottes Onaben ohne alle perfonliche Berantwortlichkeit jur unbedingten Geltung zu erheben, fich von dem Parlamente möglichft unabhängig zu machen, die Männer, die bisher das Gemeinwesen geleitet oder unterftüht hatten, aus den öffentlichen Stellen zu verdrängen und durch ropalistisch gefinnte Personen zu erfegen, Die ihm mabrend des Egils Treue und hingebung bewiesen, das maren neben bem Plane, die Ginfunfte ber Staatstaffe zu mehren, um seinem Sang zu Beltluft und Berschwendung frohnen zu konnen, die leitenden Bedanken feiner reactionaren Politik. Rur unvollständig fam die verheißene Amneftie "die Atte ber Bergeffenheit, Indemnitat und freien Bergebung" gur Ausführung. Benn auch Karl II., mehr leichtfinnig und genußsüchtig als rachgierig, dem übermäßigen Gifer ber ropaliftischen Lords und Gemeinen, Die gerne Alle, welche an dem Umfturg der alten Einrichtungen mitgewirkt oder Waffen Begen bas Ronigthum geführt, bem Arme ber Strafgerechtigfeit überliefert und alle mahrend ber Berrichaft bes Parlaments und der Republit getroffenen Beranberungen rudgangig gemacht, ben gangen fruberen Buftand wieber bergeftellt

hatten, Ginhalt gebot und ihre reactionaren Borschlage, als unaussuhrbar und in neue unabsehbare Berwirrungen sturzend, von der Hand wies; wenn er auch seinem in der Declaration von Breda gegebenen Bersprechen in so weit nachkam.

baß er mit Beiftimmung des Parlaments die Erflarung erließ, "das alle und jede Berrathereien und Felonien oder Berheimlichungen berfelben, alle Berbrechen und Bergebungen gegen die Ordnung des Staates in der Beit vom 1. Sanuar 1637 an bis jun 24. Juni 1660 vergeben und vergeffen fein follten"; fo war er doch weit entfernt, die Borfampfer ber Republitaner und Sectiver vor ber Rache ber Rogaliften und den Strafbestimmungen ber Gesethe zu schützen. Alle welche an der Bernrtheilung und Sinrichtung seines Batere Theil genommen, von ihren Gegnern als Regiciden ober Ronigsmorber gebrandmartt, follten "wegen ihrer graßlichen Berratherei und Mordthat" von der Annestie ausgeschloffen bleiben. Denn Blut tonne nur durch Blut gefühnt werben. Bu bem 3wed wurde unter bem Borfis Dit. 1660. von Gir Orlando Bridgeman ein eigener Gerichtshof aufgestellt, an bem neben eifrigen Royaliften einige presbyterianifche Lords, wie Manchefter, und auch folche. die wie Mont, Montague, Cooper, zu Olivers Protectorat gehalten hatten, Theil nahmen. Die Angeklagten wurden fammtlich jum Tobe verurtbeilt und gebn von ihnen, darunter Cromwells energischer Freund Sarrison, Coof, ber Antiager bes Ronigs, Scot, Carem u. a. auf bem Plate Charingerof, im Angefichte von Bhitehall, wo einft das Schaffot des Ronigs geftanden, mit dem Richtbeil enthauptet, die übrigen, die fich meistens freiwillig gestellt, bis auf weitere Entfcbeibung als Gefangne in ben Tower gebracht. Aber ber Triumph ber Cavaliere über den Untergang ihrer Feinde wurde febr gemindert durch die Standhaftigleit der Puritaner auf ihrem letten Gang. Rur Sugh Beters, beffen feurige Beredfamteit fo oft ben Gifer ber Fanatiter entzündet, hatte wie einft Thomas Munger alle Saltung verloren. Bon den übrigen republitanischen Bortampfern entflohen viele nach bem Festlande, andere buldigten ben neuen Machthabern.

Die Rache an Ben 29. Januar des folgenden Jahres, dem Todestag des königlichen Märtyrers und bie wurden Cromwells, Iretons und Bradshaws Leichen aus der Gruft gerissen und auf "Königs" der Richtstätte des Königs an den Galgen gehängt zum fröhlichen Schauspiel der Royas 6. Jan. 1661. listen. Der bewassnete Aufstand einiger überspannten Fanatiker unter Thomas Benner, die, statt den verlangten Sid der Treue und des Supremats zu leisten, "das Schwert Gideonis für den König Christus" zu ziehen wagten, hatte die Rache und den religiösen Haß von Reuem gewedt. Bon Monks Keitern und der städtischen Miliz in einem verbarricadirten Hause nach verzweiselter Segenwehr überwältigt, wurden sie wie einst die Wiedertäuser in Münster unter Martern getödtet. Lambert demüthigte sich und kam mit einer Berbannung nach Guernsey davon, "wo er Blumen zog und Malerei trieb"; Henry Bane dagegen, der eisrigste Wortsührer der sanatisch-resigiösen Faction, starb nach einer muthvollen Bertheidigung auf dem Blutgerüste. In Bevey, am lieblichen User des Lemanischen Sees, verlebten die "Königsmörder" Ludlow, Broughton und Cawoleyals undussfertige Bekämpser königlicher Billtürherrschaft den Kest ihrer Lage, fortwährend

bebroht von den Rachstellungen ropalistischer Ultras. 3br Leidensgefährte John Liste, Mitglied bes langen Barlaments wurde in Laufanne auf dem Sang gur Rirche von einem Irlander ermordet. (11. Mug. 1664).

Als Mont mit Royaliften und Bresbyterianern über feine ehemaligen Ge- Mont und noffen und Freunde zu Bericht faß, war er ber angesehenfte Mann im Staat. Cabinet. Daß die Krone dem legitimen Erben wieder zugewendet ward, ohne daß fie mit blutigem Burgerfrieg ober mit frember Sulfe errungen werben mußte, war wesentlich das Wert seiner Alugheit, Umsicht und Energie. Rarl war gegen solde Berdienste nicht undankbar. Er erhob ben General zum Berzog von Albemarle und beschenkte ibn mit Gutern und Burben; er verlieh ihm einen Sit in bem Oberhaufe, das er burch neue Ernennungen mit Lords und andern Beers bedeutend verftartte; bei ber Busammensepung bes neuen Staatbraths, worin verschiedenartige Anfichten und Richtungen vertreten sein follten, folgte Rarl hauptfächlich feinen Rathschlägen und Andeutungen und wies ihm felbft barin die erfte Stelle an. Ja fogar in bas "Council-board", die engere Bereinigung ber Freunde und Bertrauten bes Ronigs, mit benen er alle Staatsgeschafte berieth und beforgte, eine Art Cabinet über und neben bem verschiedenartia ausam. mengefesten Staatsrath, murbe Mont berangezogen und ihm noch fein getreuer Auhänger Billiam Morrice beigegeben. Daburch trat ber General ber Republik an die Seite ber Manner, die schon bei Rarl I. in einflugreichen Stellungen gewesen und jest fur bes Ronigs intimfte Rathe galten, wie Edward Sybe, bald barauf jum Carl von Clarendon und jum Beer bes Reichs erhoben, ber bas Amt eines toniglichen Ranglers, bas er ichon auf bem Continent berfeben, fortführte, und alle Käden der Politif in Sänden bielt, wie Ormond und Southamb. ton, welche die dem Bater bewiesene hingebung auch auf ben Sohn übertrugen, wie Colepepper, der ftandhafte Bertheidiger der royaliftifch-episcopalen Grundfage in ben Tagen bes Conflicts Rarls I. mit den englischen und schottischen Bresbyterianern, wie der einflugreiche Staatssecretar Richolas. Diese Manner bes perfonlichften Bertrauens bienten bem Ronig als Stupen und Bertzeuge gur Durchführung ber reactionaren Magregeln und feiner eigenfüchtigen Politit. Lord Clarendon, der beftige Gegner der puritanisch-liberalen Bewegung und ber baraus bervorgegangenen Republit, Die er als "Rebellion" aufgefaßt und geschichtlich bargestellt bat, beffen Tochter, die anmuthige Anna Syde, von Rarls Bruder, bem Bergog von Bort als Gemablin beimgeführt marb, mar unermudlich bestrebt, die vergangenen Buftande wieder berzustellen und seines Ronigs Intereffen und Buniche zu befriedigen.

Die von Cromwell mit Blut begrundete Union ber drei Reiche wurde aufgeloft Reftitution und Schottland und Irland wieder ihrer eigenen Berwaltung und legislativen Autoritat laffung bee jurudgegeben. Die Guter ber Krone und ber Rirche, Die in der republikanischen beere. Beit eingezogen waren, wurden den fruberen Eigenthumern wieder jugeftellt, die Raufer meift ohne Erfas von den neuerworbenen Befisungen getrieben oder bochftens

ale Bachter geduldet. Auch der royaliftifche Abel erhielt feine Guter, fofern fie ihm mit Bewalt entriffen worden, gurud. Aber Biele hatten fie in der Roth und um die Bwangsauflagen zu entrichten, freiwillig verlauft. Diefe fonnten nur ungenügend entichadigt werden. Sie fprachen laut ihren Groll über die Indemnitatsbill aus: "Bohl mag das ein Befeg der Bergeffenheit und Struffofigleit heißen ; denn vergeffen wird Die Treue und ftraflos bleibt der Berrath." Die Armee, die noch mit vielen republikanischen und puritanischen Elementen zerset war, und deshalb weder bei dem Konig noch bei dem Barlament, noch bei ber bon robaliftifder Gefinnung enthufiaftifd erfullten Ration in Gunft fand, wurde aufgeloft, Jobald die jur Bezahlung der Soldrudftande erforderlichen Gelbsummen beschafft werben tonnten. Bergebens hatte der Rath der Offiziere dem Obergeneral Treue und Gehorfam jugefagt "jeder Gewalt, welche Gott über fie fegen walle"; eine ftehende Armee widersprach den constitutionellen Eraditionen Englands; das Parlament fürchtete Gefahr für die Freiheiten und Boltsrechte, dem Ronig und feinem Cabinet war die Bufammenfehung des heeres mit feinen vergangenen Erinnerungen nicht nach bem Sinn : es erhalte, meinte Morris, die Ration wie in einer fortwahrenden Erderschütterung. Go wurden denn die Soldaten ausbezahlt und die Rebende Armee enthaffen. Mur zwei Regimenter, eines gu Pferd, eines gu Buf. blieben als Garden im Dienfte. Die Entlassenen fügten fich in ihr Schidfal, manche mit Ergebung in den Billen Gottes, andere mit Ingrimm über den Undant Mante und bei Ronigs. Biele tehrten ju ben Gewerben jurud, die fie in ihrer Jugend gelernt und geubt; man fab manchen hauptmann wieber in die Bertftatte einziehen, aus ber er einft beworgegangen, um unter bie Baffen ju treten.

Das Rrons eintommen

Run war nur noch eine Angelegenheit von Bichtigkeit ju arbnen: bem mb Rarle II. Ronig mußte ein bestimmtes Gintommen festgesett werden. Auf Clarendans Antrag bewilligte das Parlament nicht nur das Tonnen- und Pfundgeld für die ganze Regierungezeit, sondern auch die mahrend der burgerlichen Unruben eingeführte Accife; die jahrliche Ginnahme follte fich auf 1,200,000 £ St. belaufen. Aber wie kannte biefe Summe einem Fürsten genugen, fur ben eine glangende Sofhaltung und ein finnliches Freudenleben von fo habem Berth mar, ber mahrend seines Erils Schulden im Belauf von drei Millionen gegen fehr bobe Binfen angehäuft hatte? Darum mar es mabrend feiner gangen Regierung Rarls wichtigftes Unliegen, die Ginnahmen auf jede Beife zu mehren, um in feinen Reigungen zu Luft und Berfcwendung nicht gehindert zu fein. Die ausmartige Politik, die wir bald kennen lernen werden, diente ihm als Mittel, diefen Bmed au erreichen. Nicht die Chre ober ber Bortheil der Ration, sondern Befriebigung seiner Selbstucht und bas Streben nach absoluter Ronigsmacht, nach Unabhängigkeit von dem Parlamente und feinen karglichen Subfidien waren die leitenden Motive in seinem Berhalten zu den westeuropaischen Machten und der politischen Bermidelungen der Beit. "Rarl II. trug tein Bedenten, Unterftugung aur Biebererhebung ber toniglichen Dacht bem Barlamente gegenüber jum Breife feiner politischen Berbindungen ju machen". Durch feine Bermablung mit ber Infantin Ratharina, Tochter bes erften Ronigs von Bortugal, Die eine großt Mitgift einbrachte, murde er fur ben Augenblid in seinen Belbverbalmificu gunftiger gestellt. Mont batte seinen gangen Ginfluß eingesetzt, um diese Rerbindung, die eine Entfremdung von bem spanisch-habsburgischen Sause nothwendig zur Rolge hatte und beshalb bem englischen Bolte angenehm war, gegenüber ben Intriquen ber Konigin Mutter und threr tatholifchen Freunde gu Stande au bringen. Es mar ber lette Rachflang der Cromwellichen Bolitif.

Beniger erfolgreich maren Monte Bemuhungen, auch die firchlichen Ir- Rart II. und bie englischen rungen ju einem Ausgleich zu führen, bei bem Billigfeit und Gerechtigfeit obge- Rirdenver-baltniffe. waltet batte. Bei ber Reftauration des Roninthums waren Presbyterianer und Episcopale Sand in Sand gegangen. Salt es both, ihren beiberfeitigen Lobfeinden, den Independenten und Sectariern die Macht zu entreißen. Konnten nich die Bischöflichen auf ihre Dienste berufen, daß fie in den Tagen der Roth und Bebranquis ibr hirtenamt in der Stille tren verwaltet und manches glaubige Semuth in ver Singebung an Thron und Altar festgehalten; fo durften die Presbyterianer, die ihren mächtigften Galt an ben Glaubensverwandten in Schottland hatten, baran erinnern, daß einst Rarl II. League und Covenant beschworen und bag in der Declaration von Breda Freiheit des Glaubens und Gewiffens frierlich verheißen war. Aber es trat balb zu Tage, daß die Sympathien der Stuarts für bie bothfirtblich-bifchöfliche Berfaffung und bie ibr vermandte latholithe Airchenform bei bem neuen Abnia nicht minder lebhaft wuren als bei seinen Bargangern, daß auch er zu ber Lofung feines Haufes ftanb : "Rein Bischof, bim Ronig". Bie follte auch die ascetische Strenge der englischen Puritaner in ben Augen bes genuffüchtigen, leichtfertigen Fürften Gnade finden; wie follte er die berben Ingenbeindrufte verwischen, welche bie rigorofe Rirthmundt ber presbyterianlichen Selftlichen Schottlands feinem Gemuthe eingeprägt! Bie viel mehr entsprach ber Ratholicismus mit seiner kirchlichen Bracht und feiner von aller Sunde lofenden Absolution ber Ratur bes Konigs. 3mar wurde bas Berücht, bag er gur Beit ber pprenaischen Betebeneverhandlungen von feiner fatholischen Umgebung zum Uebertrift bewogen worden fei, eben so eifrig bestritten als behauptet; aber an seiner hinneigung zum rönnisch-tatholischen Rirchenwesen tounte tein Zweifel obwalten; baburch fab er fich auf eine Bahn geführt, auf der Beuchelei, Doppelgungigleit, Kalfcheit, Bortbruchigleit nicht zu vermeiden waren. Mehr als bei seinem Bater und Gropvater laftet auf ihm ber Matel religiöfer Sweibentigkeit und Unlauterfoit.

Mont hatte eink die Monarchie mit der alten Untformität von Kirche und Staat Unioneverfür eine Unmöglichteit willart: wie baib follte er ibes Berthums überführt werden! fuche. Ohne erft einen Persamentsbeschluß abzuwarten, Tehrton die in den Stillemen der Revolution entsetzen Bifchofe, fo viele ihrer moch am Beben waren, auf thre chemaligen Sipe, die bifchöflichen Geiftlichen ju thren alten Pfrunden gunud. Die Occupanten, Presbhierianer ober Anhanger feparatiftifcher Gecten, ntuften ihnen weichen. Ronig machte den Berfus, einen Musyleich zwisen den beiden Hauptparteien berbei-Wifthen. Mehrere Bifchafe und einige Saupter der Prebbyterianer, unter ihnen Richard Bagter, Baftor von Atbderminfter, der früher dem heere Cromwells als Feldprediger Befolgt war, aber feine gemäßigte friedfertige Gefinnung bewahrt hatte, hielten in

23. Oft. Segenwart des Königs und seiner vertrautesten Rathe eine Busammentunft, worin eine Art Compromis geschloffen ward, auf Grund deffen beide Religionstheile fich zu einer Lebensgemeinschaft in Friede und Gintracht verpflichten follten. Den Anglicanern wurde jur Aufgabe gestellt, die Jurisdiction des Episcopats ju beschränken, indem die Bifcofe gehalten fein follten, ihre Rapitel und den Rath der Rirchenalteften gur Betheiligung berbeigugieben, Die 39 Artitel einer Revifion gu unterwerfen, Die Bresbyterianer von dem Unterzeichnen diefer Glaubensurfunde und von dem Gibe des firchlichen Sehorfams zu entbinden und ihren Predigern einige Ceremonien (wie Aniebeugen, Beichen des Rreuges, Chorhemd) zu erlaffen. Die Presbyterianer maren geneigt, darauf einzugeben; fie redeten fich ein, der fo verbefferte Episcopat fei nicht mehr jener verberbte Pralatismus, gegen welchen fie Blut und Leben eingefest hatten. Giner bon ihnen, Repnolds nahm ein Bisthum an. Der Ronig munichte, daß in die Friedensdeclaration ber Grundfat ber Tolerang und Gewiffensfreiheit Aufnahme fande, freilich nicht um ben berhaften puritanifchen Secten diefe Boblibat zu Theil werden zu laffen, fondern um der Ratholiken willen, denen er gleichfalls Busagen gemacht hatte. Aber Bagter, der die Absicht durchschaute, erwiederte mit dem Cifer eines Orthodogen, es gebe Barteien, die man dulden und andere, die man nicht dulden konne, zu den letteren gehörten Socinianer und Papiften. Auch die Episcopalen waren gegen ben Bufas. Denn icon erwachte auch bei ihnen wieder die Beforgniß über die tatholifden Lendengen bes hofes. Man fürchtete, die Königin Mutter, deren nahe Aucklehr bevorstand, wurde denselben frifche Rrafte verleihen. Beibe protestantifche Barteien fcienen geneigt, gegen den neuauflebenden Feind gemeinfame Sache ju machen.

herftellung ber Ctaats

Aber die Beit war fur religiofe Compromiffe nicht angethan. Gine zweite Unions. tirche conferenz in dem Savoy-Palast blieb refultatios; und als die königliche Declaration bor bas Parlament gebracht wurde, um mit Gefetestraft belleidet ju werden, tonnte fie nicht die Mehrheit der Stimmen erlangen. Die ftrengen Cpiscopalen meinten, die vorgefdlagenen Bugestandniffe murben die bifcofliche Gewalt fcmachen und in ihrer Birtfamteit lahmen; die Regierung gab fich wenig Dube, eine firchliche Formel burchzuseten, die ohne den Bufat allgemeiner Loleranz nicht nach dem Sinne des Rönigs war. So wurde die Declaration verworfen, ber Grundfas ber Conformitat in ber alten Strenge festgebalten. Die Staatstirche murbe allmählig in alle ihre Rechte und Bfrunden wieder eingesett, Juron, der den Ronig auf das Schaffot begleitet batte. erhielt den erzbifcoflichen Stuhl in Canterbury und hatte in London den "weltklugen, ftaatsmannisch-eifrigen" Sheldon jum Rachfolger; bald waltete die Bischofsmacht wieder fo unumfdrantt wie früher in England. Die Episcopalverfaffung murbe in Buchem als die primitive apostolische Rirchenform bargestellt, beren Lehren nicht bestritten werden Bwei Jahre fpater murbe bie Uniformitateatte erneuert und damit allen

Mai 1662. dürften. Staats- und Rirchendienern die Berpflichtung auferlegt, das Abendmahl nach englischem Ritus ju nehmen und bie 39 Artitel ju beschworen. In golge beffen verloren gegen zweitausend presbyterianische Geiftliche ihre Stellen und faben fich mit Beib und Rind bem Elend preisgegeben. Unter ihnen mar auch Barter, ben man umfonft durch das Angebot eines Bischofftuhles für die anglicanische Kirche zu gewinnen gesucht hatte, ein wegen feiner fegenbreichen Baftoralthatigteit wie wegen feiner aufrichtigen Frommigfeit verehrter Mann. Seine "Ewige Rube des Beiligen", die er einft in den Tagen schwerer Körperleiden verfaßt, und fein "Ruf an die Unbefehrten" waten Beugniffe echtieriftlicher Gefinnung aus dem Schoofe des gemäßigten Puritanerthums.

Rirchliche

Eine ähnliche reactionäre Bewegung brach fich in Schottland Bahn. Auch hier Schottlanb, erlangte ber Ronalismus mit Gulfe bes leibenfcaftlich erregten Bolles Die Oberhand über die ftrengen Covenanters. Der Herzog von Argyle, vom schottischen Parlament als hochverrather erflart, wurde hingerichtet und fein Ropf an berfelben Stelle auf. Dai 1861. gepflanzt, wo einst das Saupt Montrose's ausgestellt gewesen. League und Covenant wurden aufgeloft, die fonigliche Brarogative in der gangen Ausdehnung früherer Beit bergeftellt, die unter dem Ginfluß ftrengpresbyterianifcher Rirchenmanner gefaßten Synobalbefcluffe mit Ginem Schlag für null und nichtig erklart. Damit mar auch für bie Biederaufrichtung der bifcoflichen Gewalt der Boden geebnet. Auf denfelben Rangeln, wo ehedem fo feurige Reden gegen Konigthum und Pralatismus gehalten worden, wurde jest der Biberftand gegen die Rechte und Prarogative der Krone als Sunde gegen Gott verdammt, die Manner, die in der Bertheidigung berfelben ihr Leben eingebußt hatten, als Martyrer ber guten Sache gepriefen.

Bald nach ber Berwerfung ber Eintrachtsformel zwischen Episcopalen und Reue Barla-Presbyterianern wurde das "Conventionsparlament" aufgeloft. Seine Aufgabe, u. Rronung. England aus ber Republit in die Monarchie berüberzuführen, mar erfüllt. Für 29. Deebr. den regelmäßigen Sang des Staatslebens bedurfte es einer legislativen Rörperichaft, die nach ber altherkominlichen Form burch königliche Ausschreiben einberufen fein mußte. Roch ehe das neue Varlament, in welchem die große Mehrheit aus Dlannern von entschieden ropalistischer und firchlich-anglicanischer Gefinnung bestand, eröffnet ward, fand die Krönung des Königs statt in den alterthum, April 1861. lichen Formen und mit der gangen firchlichen Prachtentfaltung fruberer Tage. Es war der lette Att der Restauration, die symbolische Rundgebung, daß Rönig und Ration wieder durch beilige Bande vereinigt feien, daß Abel, Rlerus und Bolt wieder in alter Treue und Ergebenheit mit dem König fich verbunden hatten.

IV. Englische Wiffenschaft und Dichtkunft im flebengehnten Jahrhundert.

In den Jahrzehnten, die wir in den obigen Blattern durchwandert haben, Beitibeen auf war die englische Ration so fehr von den politischen und firchlichen Intereffen bas Geiftetdurchdrungen, daß die geistige und funftlerische Thatigteit fich ihren Ginfluffen nicht entziehen konnte, daß felbst in folden Broductionen, die fonft fern vom öffentlichen Leben burch Studien und Rachdenten, burch Speculation oder Phantafiethatigkeit ans Licht gefordert werden, die Ideenkreife, in benen fich jene aufgeregte Beit bewegte, die Beftrebungen und Berfuche jenes ringenden Gefchlechtes, neue Gefellicafteformen und Borfiellungen zu ichaffen, hervorleuchten und fich darin abspiegeln. Bacon bon Berulam erblickte erst wie von einem hohen Berggipfel aus die heranziehenden Stürme; aber wie fein Leben die Entartung ber Stuartichen Beit und die Rothwendigkeit einer Berjungung und Sittenreform ertennen lagt, fo mar auch fein geiftiges Schaffen ber erfolgreiche Berfuch, die abgelebten Gebantenformen umzustoßen und die Belt auf realistischen Grundlagen nen aufzubauen, die von fruberen Beschlechtern aufgestellten Bestaltungen inneren und außeren Bebens als Bahngebilbe und Irrlichter barzulegen. Schöpfer und

Urheber, eines auf Birklichfeit und Erfahrung berubenden Suftems, ift Bacon als ber Fahnentrager ber negatiben und fritischen Beiftesrichtung anauseben, welche die gange Stuartiche Beit burchbrang, gerfeste und unterwühlte, um die Schaben und Gebrechen bloszulegen und Raum fur neue Lebensbedingungen gugeminnen. - Bei Thomas Sobbes führte biefe fritische und prufende Berftandesthätigfeit zu bem Refultate, daß bei ber Unfähigfeit ber Beitgenoffen, neue lebensträftige Organisationen fün Staat und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zu erzeugen, das Befiehende ale bas Gute und Bahre gelten muffe, der absolute Staat und bie Episcopalfirche die besten Institutionen feien. - Gelbst ber große mathematische Genius Englands im fiebenzehnten Jahrhundert, Ifaac Remton vermochte fich ben religiösen und politischen Impulsen nicht gang zu entziehen. Wenn er gleich mabrend Rarls II. Regierung fich in die Beiten schickte, den gesteigerten Royalismus und die hochfirchliche Orthodogie, wie fie in ben ersten Sahrzehnten nach der Restauration ber Stuarts Die Mehrheit der englischen Ration ergriffen, burch feine Diftone ftorte; wenn er gleich, wie ber finnende Beise bei Schiller, nur im stillen Gemache bebeutende Cirtel entwarf, ber Stoffe Bewalt, der Magnete Baffen und Lieben prufte, durch die Lufte bem Rlang, burch ben Aether bem Strabl folgte und bas vertraute Befet in bes Bufalls grausenden Bundern, den rubenden Pol in der Erscheinungen Flucht suchte; fo hat doch auch er auf bem von Bacon gezeigten Bege ber Erfahrung und bes Experiments ber geiftigen Belt Ibeen augeführt, welche in bas reale Leben ber nachsten Butunft und in die Borftellungefreise feiner Beitgenoffen tief eingriffen. Bmar bat er niemals ben Rirchenglauben an einen allmächtigen Schöpfer himmels und der Erben verleugnet und fogar Schriften verfaßt über die Daniel'ichen und apotalpptischen Beissagungen; aber burch feine Enthedung ber Gravitation als allwaltenden Pringips bes Universums bat er ber englischen Orthodoxie einen machtigen Gtob, verfest, und nicht, wenig, ju der Entwidelung ber freien philosophischen Anschauungen beigetragen, die wir bald im Gegensat und Rampf argen die biblischen Lehren tennen lernen werben.

Roch mehr als die Wissenschaft lehnte sich die Poesse an die Gegenwart an: in ihren Hauptträgern, spiegelt sich die Zeit; und die ganze Parteirichtung von der ernsten wie von der satirischen Seite. Dem republikanischen Idealisten Milt on erschien nach dem Untergang seiner politischen und religiösen Ideale die Welt als ein "Berlorenes Paradies". Dämonische Mächte voll Bosheit, Tücke und seindseliger Gesinnung, haben ihm das Reich des Schänen, Guten und Wahren durch Berführungskunste und höllische Anschläge zerstört und das Seden in eine Wildnis verwandelt, in welcher alle Erdenleiden, Arankheit und Tad, Arbeit und Roth die Menschheit bedrängen. Der Bersuch, die vom göttlichen Fluch getrossent Welt durch die Hossinung auf ein "Wiedergewonnenes Paradies" zu trösten und zu erhellen, wollte dem blinden Greis nicht niehr gelingen.: das wiedergefundene Paradies ist nur ein verblaßter Schatten von den Gerrlichkeiten des verlornen,

ohne die Reize einer ursprünglichen Ratur und einer Menschheit, in der das Ebenbild Gottes ftrabite. In dem Camfon Agoniftes, dem Behovahgeweihten, ber durch die gobendienerischen Philister feiner Augen und feiner Starte beraubt in einem arokartigen Bernichtungsaft fich, und ben Keinden den Untergang bereitet, bat Milton fein eigenes Gefchid in verffüllter Geftalt ber Rachwelt gezeich. net! - Bie bem gewaltigen Republitaner, der bie zeitgenöffische Geschichte und ihre Trager und Bollbringer mit dem Makstabe ber eigenen Kraft maß und beurtileilte, Die politischen und religiofen Kanupfe als ein großartiges Ringen gigantifcher und gottlicher Rrafte erfchienen; fo faste fie fein Beitgenoffe Samuel Butler, ber fein Leben unter ben Ropaliften verbracht; als bas Beginnen und Thun Don Quirotischer Querkopfe auf, die gemein von Gefinnung und thoricht und lacherlich in ihren Sandlungen die puritanischen und independentischen Beftrebungen zu egoiffifden Zweden migbrauchten, und verhöhnte die Zeiterscheinungen und Barteilriege durch Entstellung der Motive und Charaftere. Gein "Sudibras" verhalt fich zu ber Birflichkeit wie bie Batrachompomachie zum Trojanetkrien. Bic febr man immer ber Runft bas Recht einraumen mag, einseitige Geiftes. richtungen burch ben Gegenfat zu verspotten, extreme Ausschreitungen burch bie Rehrseite der Barodie ju magigen, auf bag die bewegenden Rrafte ber Scele in einem harmonischen Gleichgewicht erhalten werden; wie psphologisch gerechtfertigt immer bas Satterfpiel als Correctiv neben bem tranischen Bathos erscheint; fo tam boch auch nicht geleugnet werden, daß burch die fenrile Beife und bie baglice oft cynifche Form, in welcher im "Budibras" weltgeschichtliche Ereigniffe und großartige Tendenzen in den Rahmen lächerlicher, niedrigtomischer Bilber gefaßt, machtige Begebenheiten burch Schilderungen und Buge aus bem gemeinen Bolfbleben zu Caricaturen entstellt werden, bas afthetifche Gefühl baufig verlett wird: an die Stelle des Gefallens, bas burch Big, humor und Ironie erzielt werden foll, tritt nicht selten Unwille und Migbilligung über die Maglofigkeiten Rur eine fo tiefe Abneigung gegen das puritanische Befen und Treiben, und ben frommelnden Jargon (Cant), wie fie ber Geschichtschreiber hume in fich trug, tonnte zur Bewunderung bes Subibrasoführen.

# L Bacon, gobbes, Bemton.

Francis Bacon, der Sohn von Sir Micolaus Bacon, den Camben und Buchanan Francis
Bacon 1500 als "bie zweite Bier bes hoben Rathes im birtifden Reiche" bezeichnen, ragte foon in -1026. jungen Jahren burch Zalent, Bisbegierbe und fchnelle Auffaffungsgabe berbor; fo bas !! Ceben. man die größten Stwartungen von ihm begter Elffabeth nannte ihne ihren jungen "Lordfiegelbewahter". Doch machte er, als ber Tob feines Saters ihn bun Paris in bie Brimath rief (1580), im Glaateblenfte teine rafchen Bortfcbritte, well die beiden Burs leigh, Bater: wie Sohn, obwohl feine Bermandten, aus Elferfucht auf feine geiftige Ueberlegenheit; wie er wohl mit Unrecht argwohnte, ihn von einem Staats- ober hofamt ferne ju halten bemust waren. Er widmete fich bem Studium des Rechts und wurde

Abvocat (Barrifter) in Grap's Inn, mußte aber manche fpottifche Bemertung boren über "Theoretiter, die fich in philosophische Traume verfentten und vor lauter Beisheit tein prattifches Gefchaft zu erledigen im Stande maren". Rach einigen Sahren wurde Bacon in das Parlament gewählt und bier entfaltete er bald diefelbe flare und machtige Beredfamteit, die er bereits in den Gerichten gezeigt hatte. In den wichtigsten Fragen gab feine Stimme baufig ben Musichlag. Go im 3. 1593 als es fich um Bewilligung bon Subfidien behufs des spanischen Rrieges handelte. Bacon machte in feiner parlamentarifchen und politischen Laufbahn ben fcweren Bersuch, die Gunft des Bolles qu erwerben, ohne der Regierung Anftos ju geben. "Benn ein folches Unterfangen Bemanden gelingen tonnte," bemertt Macaulay, "fo mußte es ihm gluden, dem Ranne mit ben feltenen Talenten, mit bem frubzeitig gereiften Urtheile, dem ruhigen Temperamente, ben einschmeichelnden Manieren." Bacon erreichte seinen Bwed, aber fein Charafter litt bei dem gefährlichen Spiel Schaden. Benn er als Mann der Opposition Miffallen erregt hatte, fo suchte er burch bemuthige Abbitten und Unterwurfigleit ben ungunftigen Eindrud bei hof wieder ju verwischen. So lud er ben Schein zweideutiger Doppelzungigkeit auf fic. Innere Antipathie gegen die Cecils, die fein Emportommen au hindern fuchten, führte den ehrfüchtigen Advocaten auf die Seite des Grafen Effer, und diefer ichloß den talentvollen Mann in feine Freundschaft ein. Der glubende, empfängliche, zur Bewunderung alles Großen und Schonen geneigte Geift des Grafen wurde bon bem Genie und den Renntniffen Bacons angezogen. Effer bemubte fich, ibm die Stelle eines oberften Kronanwalts und Beneralfiscal ju verschaffen; aber Elifabeth, die ihm feine Opposition in der Subfidienfrage nicht vergeffen hatte und von Burleigh 1594. gegen ihn eingenommen war, ernannte Edward Cote, ben erften Rechtsgelehrten zu bem hoben Amte. Auch in feiner Bewerbung um die Sand der Elifabeth Satton, einer reichen, jungen, fconen Bittme, Burleighs Entelin, gewann ihm Cote ben Rang ab. und boch hatte Bacon, ohne eigenes Bermogen, ohne Umt und von Schulden gedruct damals mehr als je einer traftigen Sulfe bedurft. Ein Goldschmied, dem er 300 £ St. schuldete, ließ ihn auf der Strafe verhaften und in den Schuldthurm führen. Auch das Amt eines Staatsprocurators, um das er fich bewarb, wurde einem andern Um ihn zu troften ichentte Effer bem Befummerten, ber gerade bamals perlieben. (1597) feine erfte Schrift, die mit fo großem Beifall aufgenommenen "Effans" oder gefammelte Auffage veröffentlichte, ein fleines Landgut in der Rabe von Emidenbam in einer fo freundlichen und edlen Beife, "daß die Art wie er fcentte, werthvoller war, als die Sabe felbft". Damals war Effer ber gefcierte Rriegsmann, der Gunftling ber Ronigin, und Bacon fein Freund und Bertrauter. Benige Sahre nachber erbleichte ber

Königin, und Bacon sein Freund und Bertrauter. Wenige Jahre nacher erbleichte der Slückftern des Grafen in Irland. Es heißt, Bacon habe ihn gewarnt: "Ariegsruhm und Bolksgunst seine wie die Schwingen des Itarus mit Wachs befestigt, leicht zu lösen, dann folge der jähe Sturz"; und als der ritterliche Mann bet Clisabeth in Ungnade gefallen, habe er sich Mühe gegeben, ihm die Berzeihung der Fürstin zu erwirken. Diese Angabe soll nicht bezweiselt werden; dennoch muß man in seiner Haltung gegen den Freund und Sönner, als demselben die Sonne des Slücks nicht mehr lächelte, einen Berrath an der Freundschaft, an der Pietät, an allen edlen menschlichen Geschiehen erkennen. Er ließ sich als Ankläger des gefangenen Grasen vor dem Peersgerichte gebrauchen, er führte seine Ankläge in einer so gehässisse, indem er den des Hoch-

verraths Beschuldigten mit Pisistratus und heinrich von Guise zusammenstellte, daß jede Milberung des Urtheils, jede Begnadigung von Seiten des Thrones unmöglich ward; und als die hinrichtung des volksbeliebten Edelmannes Misstimmung unter der Londoner Bürgerschaft und in der ganzen Nation hervorries, gab sich Bacon dazu her, durch seine "geschidte Feder" eine Rechtsertigungsschrift zu versassen, wie sie die Königin

wanfote. Er forieb: "eine Darlegung ber Rante und Berrathereien, versucht und begangen durch Robert weiland Graf Effer und feine Mitfouldigen". Reine Apologie feiner Berehrer bat diefen Matel von Bacons Ramen verwischen tonnen. Er war der Ronigin ju teinem Dant verpflichtet und die Lopalität legte ihm teinen Dienft auf, ber feinen Charafter berabfeste. Es war der Chrgeig, der Durft nach hofgunft und Cinfus, nach einträglichen Aemtern und glanzender Beltstellung, was ihn zu dem Berfahren angefpornt bat. Macaulay's fcharfes Urtheil: "Bacon war ein ferviler Abvocat, um ein bestechlicher Richter ju werben" tommt ber Bahrheit nabe. Er war ohne Barme des herzens und ohne Abel der Gefinnung. - Rach dem Lode Glifabeths drangte er fich mit großem Sifer an den Rachfolger. Er fceute fich nicht, die Berwendung des Grafen bon Southampton, eines Freundes und Mitangeflagten bon Effer angusprechen und dem eiteln Stuart fich burch Schmeicheleien zu empfehlen. Mühe war nicht umfonft. Bei der Arönung empfing Bacon mit dreihundert andern den Mitterfolog und murbe im Laufe ber Regierung Diefes Ronigs ju hoben Memtern und Chrenftellen befördert. Bir wiffen, daß er zulest zum Mitglied des geheimen Raths, jum Lordflegelbewahrer und jum Groftangler emporflieg. Er hatte erreicht, wonach feine ehrgeizige Seele von Jugend auf durftete; auch durch feine Beirath mit ber Tochter rines angesehren Stadtraths tam er in wohlhabende Berhaltniffe, wenn icon die finderlofe Che fich nicht als eine gludliche erwiefen bat. Jacob erhob ihn jum Baron bon Berulam, jum Grafen bon St. Albans. Bacon war fur die Gnabenerweifungen des Ronias nicht undantbar. Es ift uns befannt, wie eifrig er im Parlament ftets die toniglichen Intereffen verfochten bat: Er fucte die Kroneinfunfte zu ordnen und zu mehren; er iprach für die Realunion bon Schottland und England; in ber großen Streitfrage über die Rechte des Parlaments und die Brarogative der Krone trat er für die lettere ein, die Subfibienforderungen Jacobs fanden in ihm ftets einen gurfprecher; er empfahl die "freiwillige Beiftener", ju welcher ber Ronig in feiner Gelbnoth feine Buflucht nahm (1614). Dem Ronig zu Gefallen billigte er die Berfolgung puritanifder Geiftlichen, in dem hochverrathsprozes gegen Comund Peacham filmmte er für die Berurthellung. Bei diefer Gelegenheit trug er ben verhangnisvollen Sieg über feinen Rivalen Cote davon, deffen Keindschaft ihm so gefährlich werden sollte. Und wie Bacon in bem "großen Ausgleich" zwischen Krone und Parlament über Rechtsanspruche und Subsidienbewilligung auf Seiten des Königs fand, fo in den politifchen Fragen auf Seiten Budinghams, deffen Thun und Laffen er mit ben Baffen feiner Jurisprudeng und Beredfamkeit zu rechtfertigen fuchte. Der haß bes Bolts gegen ben koniglichen Gunfling ging auch auf den Lordtangler über und foarfte die Bachfambeit feiner Gegner. Bir haben oben feiner Anklage wegen Bestechung und Amtsmisbrauchs gedacht. Er gestand seine Schuld ein. Bom Arantenlager aus richtete er an die Lords des Oberhauses, die über den Collegen die Untersuchung ju führen batten, die schriftliche Bitte, "Barmherzigfeit zu haben mit einem gebrochenen Robr." Seine Strafe und fein Ausgang find und bekannt (S. 109.). Ohne fich zu vertheidigen hat er fich dem Strafurtheil unterworfen, im Bertrauen auf die Gnade des Ronigs. Diefe murde ibm auch, wie wir gesehen haben, ju Theil, doch kehrte er nicht wieder in das öffentliche Leben jurid. Er widmete die letten Jahre den wiffenschaftlichen Studien. Ueber seine Schuld ift das Urtheil der Belt verschieden: Er felbft hat wohl zugegeben, daß er mahrend frines richterlichen Amtes Gefchente augenommen, aber in Abrede geftellt, daß er je für Geld Uriheile gefällt, Documente ausgeliefert, geiftliche Aemter verlauft habe. Bacon war mehr ein fowacher als ein folechter Mann, es fehlte ihm an edler Gefinnung und an moralifdem Muth. "Bu seiner Charatterschwäche," bemertt Runo Sischer, "tam die Berfdwendung, die Reigung jur Pracht, die Freigebigfeit aus Pruntfucht, lauter

Gebler feiner Ratur, denen er aus Liebe jum Schein, um: ihrer glanzenden Außenfeite willen, unbekummert nachgab. En lebte großartig in Borthoufe, umgab fich in: feinem Landhause in Gorhambury mit einer förmlichen Sofhaltung, baute mit einem Auswande von 10,000 \$f. Berulamboufe; feine Diener hatten: bie toftbarften Livreen und befafen Bagen und Bferbe." Dhne feine Schuld und Amtevergeben in Abrede zu ftellen, die übrigens zu jener Beit allgemein: waren, ift Luno Fischer ber Anficht, bas ber Lordtangler bad Opfer eines politischen Tenbengprozeffes gewefen fei. "Er mar in die Mitte gedrängt amifchen amei einander entgegengefeste. Rächte, die ihn aufrieben : Lönig, und Sofpartei auf der einen, Parlament und Ballspartei auf der anderen Seite; vom diefer

2. Bacone

murbe er geftürzt, von jener gespfert:" Benn gleich, wie Dahlmann:fagt, "Bacons europäischer Auhm in:ben:fdmutigen Lehripftem und Berfe. Gemaffern Budinghams, fcietete", fo ftrahlt fein. Ramo: um fo, glangenden in den Annalen ber Biffenschaft. Sein Rubm als Schriftfteller: und philosophischer Forfcher. "war in fich felbft fo wohl: begrundet, daß er ktinen Schaden litt; als Bacons burgerlicher Ruf: ju Grunde ging." Benn: man bei jedem Schriftfteller, eine gewiffe Uebereinstimmung zwischen seiner miffenschaftlichen Geistebrichtung: und feiner perfonlichen Gemutheart voraussehen barf, fo wird man leicht begreifen, daß: Bacona wiffenfchaftliche Dentweise, wie wir fie aus feinen zahlreichen Schriften erkennen; von ben erwähnten, im Laufe ber Beit vielfach vermehrten "Effans" bis zu feinen letten Sauptmerten, dem "Robum Organom" oder Methodit (1620) und ben neun Ruchern "über den Berth und die Bermehrung der Biffenschaften" (1623), die Bermerthung der geistigen Appulte für das praktifche und reale Leben zum Biel haben mußte; das das Müglichkeitspeincip, den Leitstern: seiner Forschungen gebildet; bast die "große. Ernenerung ber Biffenschaft" (Instauratio magna) wie er seine Gesammtwerte zusammensaffend bezeichnete, eine ganzliche Aeform der geistigen Richtungen und Thatigkeiten somobil dem Inhalte all der Farm und Methode nach jum 3med gehabt haben wird: Und fo ift es, auch; Bacon brach die Bayn, und zeigter den Beg, wie die Biffenschaft aus der Unfruchtbarteit und Richtigtett ber bisherigen Spfieme ju einem gefunden, für bas menschliche: Dasein nubbringenden Realismus: geführt werden: mufie. Mit umfaffenden Renninissen- ausgerößet- und, den Koren Forfcherblick auf das Reale und Praktifche gerichtet, fuchte er bie Biffenfchaft nicht in ben engen Bellen bes menfchlichen Geiftes, fondern in, bein, weiten Reiche, bet Belt. Im Gegenfat zu ben ichplaftifchen Speculationen des Mittelalters, richtete: Bacon fein: Denten auf große prattifche 3wede, er fand Die Biffenschaft loggetrennt von dem Beltieben und will: fie mit biefem in eine nene und fruchtbare Berbindung fegen. Sein: Grundfas mar; daßider: Menfch nur:fo viel vermöge als er wife, dusi-Rönnen, und Biffen, Biffenschaft und Racht zufammenfallen; fein Bmed, die Biffenfchaft mit; nublichen, ammendbaren Benniniffen an bereichern, durch melde ber Menich die Berrichaft über biei Dinge erlangen feine Methode, an der Sand der Erfahrung, durch Induction vermittelle tunblich und methodisch angeftellter Experimente, burch analytifche Berfehung ber einzelnem Glieber und Beftandtheile der Erfcheinungswelt; Die Bahrheit au jerforfchen, eine "Methode ber Interpretation" im Gegenfah ju der aften funthetifden "Methode der Auticipationen." Bon dem Sage ausgehend : "die Bahnheit iffit die Locker der Beit! will Bacon auf Ginnd der neuern Erfindungen ein meiteres Beich der Erfindung auffoliefen, wie Columbus einen neuen Erdtheil. Das Mittel und ben einzig richtigen Beg bagu ficht er, wie er in seinem zweiten hauptwert, dem "Ropum Doggwon" ausführt; im der reinen arfahrung bermoge der experimentirenden Ratuebeobachtung, nach Abstreifung aller "Ibole", aller Trugbilder, Taufdungen, Boruntheile, die wie Irrlichter von der mabren Bahn ablenten. "Bon den Sinnesmahrnehmungen beginnt der Beg ber Induction, der durch

Beabachtungen und Berfuche gur Ertenninis der Gefehe und durch deren Anmendung ju den Erfindungen führen foll, die das Reich und die gerrichaft des Menfchen erweitern." Im Gegensat zu der formalen Philosophie, die an Aristoteles angelehnt bisber. das Denken beherrichte, geht Bacon van der Erkenntnis der Ratur aus, die er "die Mutter aller Biffenschaften" nennt: Rach diefer inductiven und analytischen Methode unterwirft en alle Seiten bes geiftigen Lebens beng friftischen und prufenden Berftand. In dem enegelopädifden Grundrif, dem er den Sitel, "bom Berth und bon der Bermehrung ber Biffenfchaften" gab, vertheidigt er querk die Biffenfchaft gegen ihre Berbadtigen und Geaner, befondens die Theologen und Staatsmanner, und fucht bann die menfolichen, Renntuiffe; nach, den verschiedenen Geiftektraften, die dabei, thatig find, Gedächtniß, Phantasie, Bernunft, zu ordnen und so eine enchclopädische Tafel, oder einen allgemeinene Stammboum aller Biffenschaften berguftellen. "Das gange Gebiet ber Biffenschafte wird ausgemeffen, in seine verschiedenen Reiche getheilt, die Gegenden gezeigt und bezeichnet, die noch bruck liegen und angehant werden follen," Die in diefer Enepelopadie, im allgemeinen, Grundriffen überfichtlich behandelten Biffenszweige : 1. Rosmologie gele Raturphilofantie und Antironalogie gefast, 2. Beltbefdreibung in ihren gefchichtliden und literargefchichtlichen Erscheinung, 3. Die logischen Runfte mitte ihren Unterahtheilungen, 4, Sittliche Geiftebeultur ober Ctbit in ausgehehntem Sinne; murben durch, eingelne monographische Schriften, ergangt und, ausgeführt. Go bat er in der Abhandlung :: Bon der Beisheit ber Alten, die Apthen allegorifc au deuten gesucht ale Parabelneund, Gleichniffe, ohne Ginn für die, gefchichtliche und refigiofe Grundlage Im der "Gefchichte: Geinrichs VII.", dem Anfang einest umfaffenderen aber nicht jur Ausführung gekammenen Geschichtswerfs über das Beitalter der Tudors, suchte en einernationalen hiftoriographie ben Beg zu bahnen. Rach feinen Tode erschienen bia: Schriften "Silva Silvarum", naturgeschichtlichen Inhalth und "Roba, Atlantie", eine-Allegorie vom poetischem Schwung, und andere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 Wie die beiden grafen Werter die Encyclopadie und das Organom dem Konig Jacob I. gese widmet maren, fo: diefe dem Rachfolger Rarl I. - In allen diefen Schriften, die meiftens in lateinischer Sprache verfast ober, wo die Landessprache angewendet ward, ins Lateinische übersett find, gibt fich ein fruchtbarer, durch Rühnheit der Gedanten, durch Ibeenreichthum, durch feltene Combinationsgabe, logische Rlarheit und Berfiandesidearfe terparragender Geift tund. Sat Bacon auch nicht überall durchschlagende Mahrheiten aufgeftellt, ließ ihn auch der Mangel des fittlichen Geiftes nicht zur Ertenninis und rechten Burdigung ber ibealen Gebiete und Guter- gelangen; bat er in feiner "Spetit" einen niehrigen Standpunkt eingenommen, indem er für die aus der Licfe des Gemuthelebens hervorftromende lprifche Dichtung tein Berftandnis zeigt, Die Paefic "mur als Spiegel der Belt, nicht als Spiegel der menschlichen Seele, nur als Abbild der Geschichte, nicht als Abbild des eigenen Gemuthes" auffaßt; ist er auch aufdam Gebiete der Naturmiffenschaft, obwohl er diefelbe, allem andern Biffen voranstellte, felbft: unfrechtbar: geblieben, indem teine Entdesting von Bichtigkeit fich an feinen Ramen trupft, fo bat er dach querft verfucht "das Gewiere auf dem Gebiete der Wiffenschaft mit felbständiger Rraft zu durchbrechen" und die gesammte Erkenntnis mit gesetzgeberischer Strenge in eine spftematische Einheit und logische Ordnung zu bringen; fohat er doch zuerst den richtigen Beg gezeigt, auf dem allein eine Raturphilosaphie zu wahren und praktischen Resultaten gelangen kann, und ist badurch der Tonangeber und Urheber den gangen neuern Erfahrungsphilpsphile geworden. Benn ein Raturfpricher unserer Beit (Liebig), von dem Borurtheile ausgehend, daß, aus dem völlig fittlichen Unwerth von Bacons Charafter auf den eben so großen Unwerth seiner Keistungen geschlaften werden mufie, bom Standpunkte der empirischen Raturforschung aus Bacons

Berdienste um die Naturwissenschaft herabzeist, seine Methode als unfruchtbar, als die Bersuche eines Dilettanten bezeichnet hat; so ist dieser Angriss durch sachides Gründe von A. Fischer zurüdgewiesen worden. "Bacon hat die Natur und den Berth der auf Beobachtung und Szperiment gegründeten Ersahrung, der auf solche Ersahrung gegründeten Ersindung so hell und nachhaltig erleuchtet, er hat diese Aufgaben derzestalt in den Mittelpunkt der Philosophie gerück, daß die Nachwelt bei allen großen in dieser Richtung fortwirkenden Impulsen sich nach ihm umseht." Durch den Erundsah, daß alle Ersenntnis von der Ersahrung ausgehe, diese auf den sinnlichen Wahrnehmungen, der Sensualität, beruhe, ist Bacon der Bater der sensualistischen und empirischen Philosophie geworden, die über ein Jahrhundert in England und Frankreich die Herreschaft batte.

Фоббе# 1588 —1679.

schaft hatte. Bon Bacons Erfahrungswiffenschaft angeregt, wendete fein Landsmann und jungerer Beitgenoffe Thomas Sobbes, der während der Burgertriege und der Republik einen großen Theil feines Lebens in Frankreich jubrachte, vielfach im Berkehr mit bem Sofe Raris II., feinen forfchenden Geift ben großen politifchen und religiofen Beitfragen au und fuchte in einer Reihe bon Schriften, unter benen ber "Leviathan ober über bie Raterie, Form und Gewalt des kirchlichen und bürgertichen Staates" die bedeutendfte war, das Befen und die Beschaffenheit ber Staatsgesellschaft und die Stellung des Menfchen ju ben öffentlichen Gewalten ju ergrunden. Als die Levellers das Gigenthum für den Uriprung alles Uebels erflarten, fand Bobbes, das die Gemeinicaft ber Guter eine Auflösung hervorbringen wurde, welche das größte Unglud mare, das die naturlichen Dinge treffen tonnte. Bon biefer Annahme gelangte er gu ber Anficht, "daß die Sicherheit des Eigenthums und die Ausübung der Gerechtigkeit, welche fich über Mein und Dein erstredt, eine fefte herrschaft, die Bereinigung der Gewalt in Giner Sand nothwendig mache". Er warf fich die Frage auf : "wie muß ber Staat befchaffen fein, um dem Ungeheuer der Rebellion, das ihn verschlingt, den Aus dergestalt auf den Raden zu sehen, das es fich nicht mehr rührt? Ungeheuer will durch Ungeheuer vertilgt ober beherricht fein, der Drache durch ben Leviathan. Daber foll nach ibm der Staat und fein Oberhaupt alle Racht baben ; er foll in feinem Gebiet allmächtig fein, ein "fterblicher Gott", er foll es fein nicht im Biderftreit, fondern im Ginflang mit dem Raturgefes". Go last Bobbes, nach Rouffeau's fartaftifcher Bemertung, Die Menfchen aus dem Raturguftand in den Staat flieben "wie die griechifden Belden in bie Boble bes Cyllopen". Diese Auffaffung von bem monarchischen Staat fagte ben Mannern der Reaction febr zu, daber auch Bobbes nach der Restauration ein Sabrgehalt vom hofe erhielt. Dennoch mar fein philosophischer Standpunkt teineswegs nach bem Sinne ber ropaliftifc-episcopalen Theoretiter. Bie Bacon feste auch Sobbes die Ratur und die finnliche Rörperwelt als das Urfprungliche; da aber der daraus entfpringende Raturguftand einen Rrieg Aller gegen Alle bedinge, fo fei es nothwendig, mit Sulfe der Bernunft jur Sicherheit des Lebens und jur Erhaltung des Cigenthums jenem Elende des Raturzustandes Schranken zu feten und durch Bertrag und Uebereinkunft die Staatsgefellichaft ju grunden,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ben Raturrechten und dem Sittengefes. Die gegenseitige Furcht ber Menfchen und ber Selbsterhaltungstrieb, "ber Rampf ums Dafein" wie man beut ju Tage fagen wurde, find ihm fomit die Grundbedingungen des Staats. Bon dem gottlichen Beiligenfchein, womit die hochtrolichen und aristofratischen Ultra in ihren theofratischen Borstellungen bas Königthum zu umgeben trachteten, ift in seiner Argumentation teine Spur. Soll ber burch Rechtsübertragung geschaffene Buftand des Friedens und der Ordnung unerschütterlich feststeben, wird dann weiter bewiefen, "fo muß in Folge des Bertrags eine Gewalt errichtet werden, die alle Macht und alles Recht in fich vereinigt, die unbedingt herricht, der die Cingelnen

unbedingt gehorchen. Diese Gewalt ift ber herricher, ber Souveran, ber Staat, in bem Alle vereinigt find, wie vorher im Raturguftand Alle getrennt waren ; diefe Bereinigung Aller ift die Gefellschaft, das Gemeinwesen, das Bolt. Staat, Souveran, Bolt find baber nach hobbes identische Begriffe. Dem Staat gegenüber gibt es nur Unterthanen, er allein herricht, er allein ift frei, die andern gehorchen, fie muffen thun was die Gefege befehlen, ihre Freiheit besteht nur in dem, was die Gefege nicht verbieten. Die Staatsgewalt ift absolut, fie theilen oder befdranken beißt fie in Frage stellen oder die Sefahr des Raturzuftandes erneuern. Rur die absolut-monarchische Staatsgewalt ift die richtige, weil sie allein die Gelbsterhaltung des Staats verbürgt und sichert. Go kommt Hobbes dazu, aus dem Raturgefes das absolute Königthum zu begründen". Rad ibm hat in dem normalen Staat der Ausspruch Ludwigs XIV. "der Staat bin ich" volltommene Berechtigung. Bon feinem naturaliftifden Standpunkt aus tampft er mit demfelben Gifer wie Bacon gegen Ariftoteles und die Staatslehrer des Alterthums, welche im Staat einen fittlichen Organismus ertennen wollten, der unabhangig von der Form seine Berechtigung und Autonomie in fich selbst trage, gegen die bierarchifchen und feudalen Ordnungen bes Mittelalters, welche auf einer Trennung von Staat und Rirche und auf einer Theilung der Staatsgewalten felbft beruhten, gegen ben Reprafentativftaat ber neuen Beit. Das Raturgefes, bas zum abfolut-monarchifchen Staat führt, ift nach hobbes gleichbedeutend mit dem "Billen Gottes" der religiöfen Borftellungsweise; beibe gipfeln in der Doctrin von einem "absoluten Ronigthum von Gottes Gnaden". Aber auch hier bewährte fich der Sat : wenn 3wei daffelbe thun, ift es nicht daffelbe. Diefes Aufgeben ber firchlichen und geiftlichen Gewalt in ber Allmacht des weltlichen Berrichers, Diefe Unterordnung des religiöfen Bringips unter bas Raturgefet, das Ignoriren der Offenbarung in der Beil. Schrift als Urgrund eines "Reiches Sottes" war keineswegs nach dem Sinne der anglicanischen Hierarchie: das hobbes die Religion von derfelben Furcht vor dem Clende des Raturzustandes oder dem naturliden Ertenntnistrieb berleitete, fie für eine Staatseinrichtung, für ein wirkfaines Mittel der burgerlichen Ordnung in der Sand bes Berrichers ausgab, die Rirche mit ihren Cultus- und Glaubensformen als Menschenwert, als bloke Dienerin des Staats und Sehülfin bes weltlichen Oberhauptes anerkannt wiffen wollte, die Gottheit als die uns verborgene erfte Urface ber Bewegung erflarte, die Begriffe von Gut und Bofe nicht auf das menschliche Gewiffen, sondern auf das burgerliche Geses zurudführte, das ftimmte nicht zu dem orthodogen Lehrspftem der englischen Rirche. Seine Anfichten wurden als irreligios und dem driftlichen Gottesglauben widerftrebend angegriffen; fein "Leviathan" wurde bom Parlamente verdammt; er felbft fab fich genothigt in einer eigenen Bertheidigungsfchrift den Antrag feiner Segner, ibn als Atheiften ju bestrafen, ju betampfen.

Raum ein Jahr war seit bem Tobe Galileis verfloffen, als in England, in dem Ifaac New Dorfe Boolthorpe in Lincolnshire, der Erbe feiner großen Ideen, Ifaac Remton 1727. geboren wurde (25. Decbr. 1642). In der That find es die grundlegenden Gedanken Galilei's, bie Gulfsmittel einer vorurtheilsfreien Forfdung in den Raturerfceinungen, auf welchen mit Bugiebung des reichen Materials, bas Repler gefchaffen batte, Remton seinen Ruhm auferbaute. — Salilei hatte gelehrt, Forderungen des rechnenden Berstandes mit forgfältig beobachteten Thatfachen in Einflang ju fegen, ja burch Galilei war erft ber Forfchung diefe Aufgabe gestellt worden, die von den wenigsten feiner Beitgenoffen begriffen wurde. Repler batte bie Gefete ber Blanetenbewegung tennen gelehrt, und fo erwuchs dem forfchenden Geifte die große Aufgabe, diefe Bewegungen der himmelsforper mit den allgemeinen Gefehen jeder Bewegung ju vertnupfen, die verborgenen Urfachen diefer Borgange aufzudeden und die Rothwendigkeit der Erfceinungen aus

ben Ursachen zu erkennen. Kepler erfaste iditse Aufgabe als eine ber Anstrengung bes menschlichen Geistes würdige. Der größten Jahl der Beitgenoffen ging das Berfändnis für die Frage ab; sie begnügten sich theils mit religiösen, itheils mit philossophischen Speculationen allgemeiner Ratur, ohne die Prüfung der Richtigkeit an der Geschrung anzustellen oder die Uebereinstimmung mit den Ohntschlen mur zu derslangen. Aufgenen kelbericht des Runge und läste die mit dem allgemeinden Kefase.

Remtons Leben.

langen. Renton ftellte fich bie Frage und lofte fie mit bem glangenoften Gefolg. Bfadt Remton war ber nathgeborene Cobn eines Meinen Gutsbefibers, und erhielt von feiner Mutter, die in bescheidenen, wenn auch nicht gerade butftigen Umftanden lebte, eine verhaltnismaßig gute Jugenbergiebung. Da er qu prattifcher Befchaftigung wenig Befrid, bagegen einen unwiberftehligen fung jum Stubium und fillem Rachfinnen zeigte, wurde er in feinem 18. Sahr auf die Universität Cambridge geschick, wo er fich wahrend feche Babre mit bem größten Etfer bem Studium der Mathematif hingab und bald bis in die tiefften Liefen der Damals betamnten Theile diefer Biffenichaft vorbrang. 3n feinen 26. Jahre erhielt er bie bescheitene Stelle eines Professors ber Mathematit in Cambridge, die er währent 27 Jahre verfah. In biefe Bett fallt ber geofte Epeil feiner wiffenfchaftlichen Leiftungen. Im Jahre 1689 war er Mitglied bes Parlimeents, welches ber Beerfchaft ber Stuarts ein Ende machte, und erhielt fpater Die Btelle eines Borkebers der Minze in London. Dort verlebte er noch 32 Sabre unter almftigen Umftanben, in engem wiffenfcaftlichen und gefelligen Berleit mit den Sebeutenbften Mannern, hochgeehet von feinen Beitgenoffen, umgeben bon einem feinnebildeten, wiffenschaftlich angeregten Rreis von Freunden umd Befannten, in Gefellfchaft feiner fconen und geistreichen Richte, Die Barton, fpater Madame Conduct, Boltaires Freundin. Als hochbetagter Greis ftarb er am 20. Man 1727.

Fluxionsfaltul.

Sthon bei Beginn s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en hatte sch Rewton ein Halfsmittel der Rechnung geschaffen, das er Fluzivnstalkul nannte, und das im Wesenttichen mit Leibnigens Insinitesimalrechnung übereinstimmte. Lange hat Rewton diese Halfsmittel zur Lösung neuer und schwieriger Probleme nicht bekannt gemacht. Er wandte es bei seinen Entbedungen an, und suchte dann die gesundenen Atsultate, wenn auch oft mühselig durch die alten Halfsmittel zu beweisen. Erst als Besonigens der wandte Entdedung bekannt geworden und mit deren Hilfe in Deutschland Errungenschaften gewonnen worden waren, deren wir noch an einem andern Orte gedenken werden, sah sich auch Rewton veranlast, seine Methode zu veröffentlichen. Daraus ist ein Bankapsel gwischen deutschen und englischen Gelehrten erwachsen, der eine lange nachwirdende Wisstumung erzeugte.

Dutit.

Die große Aufgabe Newtons war, die mannigsaltigen Porgänge der Natur ans ihren Ursachen, aus dem Busammenwirken der Naturkräfte als nothwendig zu erkennen. Das Mittel zur Lösung dieser Aufgabe konnte kein anderes sein, als eine ausgedehnte Anwendung mathematischer Schüßfolgerungen. Diese waren mit den alten hülfsmitteln in dem erstrebten Nabe nicht möglich, und so führten Navion die Forderungen der Natursofthung zu der großartigen Erweiterung der Mathematik. Er machte zuerk den kühnen Bessuch einer mechantschen Autwerklärung auf einem Gobiete, welches die seinste nud verborgensten hillsemittel zu erfordern schlen, in der Opnt ist. Alle die mannigsaltigen Bichterscheinungen, deren Kenntnis durch Newtons Besbachtungen und Bersuche vielsach erweitert wurde, sollten erklärt werden aus einem einheitlichen einsachen Prinzip, durch Amwendung der Grundsätzt werden aus einem einheitlichen einfachen Prinzip, durch Amwendung der Grundsätzt werden aus einem einheitlichen einfachen Verlagt, die einen Ersech einen Ersech der Mechanit unterworfen sein mitzerst seinen außerst seinen Ersech der Bewegung den Gesehm der Wechanit unterworfen sein sulfer seinen Ersech der Richten den entwicket, die lange Beit die beroschwe und allgemein amerkannte war. In neuerer Beit freilis hat wan ersechen der Sichen der Siehen aus erkeit freilis hat man er

fannt, das nicht alle Erfcheinungen auf diefem Bege ibre befriedigende Erflarung finden, und fo tehrte man mit gutem Erfolge jurud ju der icon bon hunghens ausgesprochenen Anficht, daß die Lichterscheinungen durch wellenartige Bewegungen hervorgebracht, murben. Es ift befannt, mit melder Erbitterung Bathe gegen Remtons Unficht auftrat, eine Erbitterung, die indeffen taum gerechtfertigt erfcheint, wenn man ben mehr afthetifchen, bichterifchen Standpunkt Gothes mit ber nüchternen objectiven Raturforfdung Rewtons vergleicht.

Ungleich falgenschwerer ift die andere Entdedung Rewtons gewesen, die fich Gravitaauf die Urfache der Planetenbewegung bezieht. Bir haben erwähnt, daß bereits Repler in der Sonne nicht nur den geometrifchen Mittelpunkt, um den die Planeten freisen, sondern die mirtende Urfache, das treibende Agens erblidte. Remton bat, um feinem Drang nach einer mechanischen Erflarung ber Erfcheinungen gu genugen, auf diefen Gedanten gurudgegriffen. Er machte den Berfuch, die durch genaue Beobachtungen über jeden 3meifel erhobenen Replerifchen Gefete aus der Borausfetung einer anziehenden Rraft als nothmendig bemuleiten, umb fo Dier Befege des deutschen Gelehrten aus blogen Erfahrungsthatfachen ju nothwendigen Forderungen der menfclichen Bernunft ju erheben, die überall ihre Gultigleit behaupten muffen, mo Maffen aufeinander wirten. Und diefer Berfuch gelang vollständig. Remton ertannte das Gefes, welchem die Birtungen aller Raffen geharten und aus dem alle beobachteten Thatfachen als nothwendige Folgerungen fliefen. Aber noch mehr: er ertannte, das biefe Birtung kinc andere fei, als die langftbefannte Schwere, welche ben fallenden Stein der Erbe juführt. Und so hat er die so geheimniswoll erscheinende Urfache der Planetenbewegung purudgeleitet auf die freilich nicht minder rathselhafte, aber burch die alltägliche Beobachtung bekannte und vertraute Schwerfraft. Remton wies die gegenseitige Ungiebung als eine allgemeine Cigenicaft aller Maffen nach, und aus diefem einfachen Grundias folgen durch logische Schluffe die vielverschlungenen Borgange der Ratur bis it ibm Anuften Gingelheiten mit Rothwendigfeit. Remton blieb nicht babei fteben, Diefen Bedanten als Bermuthung auszusprechen. Gein erftes Befchaft war, nachdem er einmal den großen Gebanten gefaßt hatte, deufelben auf das Schärffte zu prufen. Der erfte Berfuch diefer Brufung, der an der Bewegung des Mondes angestellt mar, mislang; die thatfachliche Bemegung des Mondes war eine andere als fie nach ben Rechnungen Rentons batte fein muffen, wenn feine Borausfehungen die richtigen gewefen waren; und Rewton glaubte, darin eine Biderlegung feines großens Gedankens von der Smbitation zu feben. Da mard ihm die Runde nan einer neuen in Frankreich angekellten Gradmeffung,, welche gelehrt hatte, daß der Durchmeffer der Erbe erheblich größer sei, als man bis dahin allgemein angenommen hatte; nun erneuerte Remton fanen Berfuch und es zeigte fich, bag nicht die Unrichtigleit des Grundgebantens, fondern mir die falfche Annahme über die Große der Groe bie Urfache max, das die Rechnung ein anderes Refultat ergeben hatte als die Beobachtung. Damit war nun die Richtigkeit feiner Entheckung ber allgemeinen Schwere bewiefen; es mar bas allgemeine Raturgefes gefunden, welches in den entfernteften Raumen des Beltalls die Bewegung der Simmeletorper heherricht, ebenfo mie es das gallen des Steines an der Oberfläche ber Erde bedinat.

Es ift hier nicht der Ort, ju schilbern, wie es feit Remtons Beit Die faft aus- Resultate. foliefliche Aufgabe der Aftronomie gewefen ift, bas allgemeine Gefes zu bewahrheiten bis in die fleinsten Ginzelheiten, bis zu den garingsten Unregelmäßigkeiten, wan deuen uns das durch die trefflichsten Instrumente geschärfte Auge Rechenschaft gebt. Lebenell köften ich die verworrensten und scheinbar regellosesten Bewegungenscheinungen in nothwendige Solgerungen bes Brundgeletes auf. So beberricht ber Beift Retotons nicht blos die

Aftronomie, fondern die Raturwiffenfcaft der Folgezeit überhaupt. Seine Entbedungen haben die Raturforfdung hingewiesen auf ihre eigentliche Aufgabe, auf bas Biel, welches die Biffenschaft ohne einen schweren Rudschritt nie wieder aus dem Auge verlieren tann. Es ift feitbem als die Aufgabe der Raturforschung ertannt worden , die mannigfaltigen bunteln Borgange der Ratur ju begreifen als nothwendige Folgen einfacher Urfachen. In einem der wichtigften Bweige ift diefes Biel durch Rewtons große Schöpfung erreicht. Und wie weit auch die Raturforfcung noch bon der Erfüllung ihrer Aufgabe entfernt fein mag, die Aufgabe ift gestellt, und das Biel flar und beftimmt ins Auge gefaßt. 3ft es ja doch, nach Leffings Ausspruch nicht sowohl ber volle Befit der Bahrheit, der dem Menschen nie ju Theil wird, als vielmehr das Bewußtsein eines treuen und redlichen Strebens nach derfelben, was Glud und Befriedigung gewährt.

#### 2. John Milton und Samuel Butler.

Milten 1606

"Bie Bobbes ben Geift ber Reftauration reprafentirt", urtheilt Beingarten, "fo -1674. Milton den Senius der Cromwellichen Republit. Raum tonnen die Segenfage der Beiten fcarfer hervortreten, als es in diefen beiden Mannern geschah. Brophet des Idealismus, der Butunft und der Ewigkeit jugewendet, Sobbes in feinem Materialismus der pessimistische Apologet einer jeden Segenwart. Rach Milton der Mensch ein Organ des heil. Geistes, nach Hobbes nur das vornehmste unter den Thieren, eine Mafdine und ein Automat, der durch Sprungfebern und Rader in Bewegung gefest wird. Rach Milton nichts Coleres als der Geift; Sobbes laugnet den Geift und Die Seister; er glaubt nur was er mit den fünf Sinnen wahrnimmt; der Seist ist ihm nur ein Rorper oder ein Phantasma, wie die Engel Bolten. In die fittliche Freiheit fest Milton die Burde des Menfchen, Sobbes laugnet die Freiheit und unterwirft den Menfchen der unbedingten Gewalt des gatums und des Staates. Rach Milton ift die Bahrheit eins mit der Gemeinschaft mit Gott und Christus, nach Hobbes das größtmögliche Boblbefinden eines jeden Gingelnen der bochfte Beltamed".

Miltons Leben und

Bir find dem muthigen Manne, dein begeifterten Berolde der politischen und Jugente religiöfen Freiheit, dem Berfechter der Bolisfouveranetat und der Menfchenrechte in den Belate. obigen Blattern öfters begegnet. Seboren in London am 9. December 1608 von ehrbaren burgerlichen Eltern — ber Bater war Rotar, die Mutter foll eine nabe Berwandte des Staatsraths Bradfbaw gewefen fein - erhielt John Milton eine gute Erziehung, die, unterflügt durch eigenen Fleiß, Talent und Bisbegierde, ihn fo rasch in ben Sprachen und in der Beisheit des Alterthums forderte, bag er icon als fechzehnjähriger Jüngling die Universität Cambridge besuchen konnte (1624). Sier widmete er fich fieben Jahre lang mit eifrigem Streben den verschiedenartigften Studien und that fcon wahrend diefer Beit feine lprifc-mufitalifche Begabung turd in einer "De auf bie Geburt Christi", einem Symnus in englischer Sprace von pindarischem Schwung, der die religiofe Imigleit eines von puritanischer Frommigfeit erfüllten Gemuthes erkennen last. Bon ernster Ratur und Sitte hielt er fich fern von jeder Sinnenluft; für die heitere Seite des Lebens zeigte er fcon in der Jugend wenig Sinn und Empfanglichkeit. Bon dem Borhaben, in die Dienste der Rirche zu treten, ftand Milton bald ab; er tonnte fich nicht entschließen den borgeschriebenen Religionseid ju leiften. Als er im Jahre 1632 bie Universitatfladt verließ, um auf dem fconen Landfit feines Baters nicht fern von Bindsor einige Jahre in wissenschaftlicher Ruse zu verbringen, war er ben Beften feiner Beitgenoffen an Kenntniffen ebenburtig. In diefer gludlichen

Lebensperiode wandte er feinen dichterischen Genius, ben er bisher meiftens auf lyrifche Erzeugniffe im Geifte und in ber Sprace des romifchen Alterthums gerichtet, ber beimifchen Boeffe gu. Die befchreibenben Gebichte "l'Allegro" und "il Benferofo" legen Beugnif ab von der helteren Stimmung, welche die ihn umgebende Ratur in ihm erwedte, wie bon den ernften Betrachtungen und Gedanten, ju benen er über die Freuden und Semuffe ber Belt hinweg emporftieg. Immet mehr tragt die driftlich puritanische Dent- und Empfindungsweise in seiner Seele ben Sieg davon über die reiche Belt der Schönheit des Alterthums, "die lodenden Gefange ber Rymphen muffen verftummen bor den feierlichen Barfen-Choren der Seraphim." In die Clegie "Lycibas", ein Rlagefied auf einen im Schiffbruch umgetommenen Univerfitatefreund, bas er einem borifden Schafer in den Mund legt, flicht er Bornreden ein "wider die ungetreuen hirten, welche Gottes Geerde vermahrlofen". Bir wiffen, wie febr damals der hof und die vornehme Belt an Madtenfpielen, an bramatifden Borftellungen, an ben Erzeugniffen lufterner und unzuchtiger Bubnendichtung Sefallen fand. Diefer Richtung trat Wilton entgegen mit einem Mastenspiel "Comus", worin der puritanifche Poet in einem phantaftifden Rachtftud ben Sieg ber Reufcheit über die Berfuchung, ber jungfraulichen Sittfamkeit über die ju fündiger Beltluft verlodenben Geifter vorführt. Schon war Miltons Dichterruhm fiber den Ranal gedrungen, als er im 3. 1638 nach dem Lobe seiner Mutter eine Acife nach Italien antrat. Er eilte über Paris, wo er mit Sugo Scotius (XI, 682 f.) vertehrte, bem gelehrten Polybiftor, beffen religiofe Tragodie "Abamus exul" ibm in ber Rolge manches brauchbare Element für fein "Berlornes Barabies" geliefert hat, nach dem gepriefenen Lande der Runft, wohin ihn Sehnfucht und Bisbogierde jogen, beffen Sprache er fich bereits fo febr ju eigen gemacht, daß er fogar italienische Sonette und Cangonen bichtete. Gin Jahr und drei Monate verweilte Milton in den funftreichen Stadten der apenninifchen Salbinfel, am meiften in Floreng, gefeiert bon den Dichtern und Gelehrten, welche noch an dem literarischen Ruhm bergangener Lage zehrten und ben Spuren Taffo's nachgingen. Auch mit Galilei, bem Rartyrer ber Bahrheit, kam Milton in Berbindung, nicht ahnend, daß das Loos des blinden Greifes auch ihm einft zu Theil werben wurde. Bweimal befuchte er Rom, die Stadt des "dreifachen Eprannen" und machte tein Sehl aus feinem Abiden gegen Bapftibum und Jesuiten.

Er wollte auch Athen besuchen, aber die Rachticht von ben religiös-politischen politich-Rampfen in feiner Beimath bewog ihn gur Umtehr, "benn er hielt es für unwürdig, publiciftifde jum Bergnugen im Auslande umbergureifen, mahrend feine Mitburger ju Baufe fur Batigteit. die Freiheit tampften." Er tehrte über Benedig und Genf nach London gurud, wo er bald in den Strudel des tampfenden Lebens fich fturzte. Bir haben Miltons Stellung ju den großen Beitfragen und Greigniffen, welche wahrend der zwei Jahrzehnte nach feiner Ankunft in England bas hiftorifde Leben burchbrangen und geftalteten, in früheren Blattern tennen gelernt : In einer Reibe von Flugschriften bat er alle Erfcheis nungen bes Tages, alle in die Deffentlichkeit eintretenden Prinzipienkampfe mit biftorifden, natur- und rechtsphilosophischen Grunden im Lichte ber religiofen und politiiden Freiheit dargeftellt. Buerft richtete er feine tirchliche Polemit gegen bas Cpiscopalfiftem und suchte zu beweisen, daß die einft vom Throne aus vollzogene Reformation einer Fortbildung im Sinne individueller Freiheit bedürfe, eine Anficht, ber die gange puritanifche Partei huldigte. Die Birtung diefer Streitschriften wurde durch die Somabungen und Bornausbruche der Bralaten, die mit leidenschaftlicher Buth über ihn herstelen, nicht entstäftet. Gine zweite Gruppe handelt über Che und Geziehung. Gereigt burch bie ungludliche Erfahrung im eigenen Saufe, als ihn feine Gattin wegen politischer Meinungsverschiedenheit auf langere Beit verlaffen hatte, griff ber puritanische

Denter, "deffen ftolge Tugend febr ftreng und vornehm dachte von dem Befen der Che" die tanonischen Gefete über Chescheidung an und suchte durch eine idealere Auffaffung der ehelichen Gemeinschaft und ihrer 3mede die Rothwendigkeit einer Erleichterung der Scheidungen ju beweisen. Er entwirft von dem Chebundnis, wie es aus den Ginsegungsworten der Genefis hervorgebe, das reinfte ideale Bild, gegrundet in erfter Linie auf echte Liebe und barmonisches Ineinanderleben zweier Raturen zu einem einzigen Befen und erft in zweiter Linie auf die fleischliche Gemeinschaft. Geht jene Grundbedingung nicht in Erfüllung, ift ein folder Seelenbund in Liebe und harmonischem Bufammenleben nicht möglich, fo foll es dem Chemanne gestattet fein, die Che, die nach Miltons Anficht nur ein burgerlicher Familienatt ohne Mitwirtung der Rirche fein muffe, freiwillig ju lofen mit gerechter und billiger Auseinanderfegung ber außerlichen Berhaltniffe. In der Schrift über Erziehung find fast alle padagogischen Spfteme der fpateren Beit im Reime enthalten und insbefondere ber realiftifche Unterricht im Gegenfat zu dem herrschenden Formalismus der Sprachstudien befürwortet. "Huch diefe Arbeit ift der Idee entsprungen, daß der Staat in der Familie wurzele, und daß daber bas Saattorn ber mahren inneren Freiheit nicht fruh genug in die Gemuther ber Jugend gefentt werden tonne." Die dritte und ftartfte Gruppe der Milton'ichen Profamerte umfaßt die Staatsschriften, unter benen die lateinische "Schugrede fur bas englische Bolt" gegen Salmafius am bekannteften aber keineswegs am bedeutenoften ift, eine Schrift, die mehr als jede andere den leidenschaftlichen, heftigen, derben Geift der Beit athmet und wie ein Betterftrahl wirfte. Der Unwille über die Schmahungen und Berleumdungen, die deshalb von den Gegnern über ihn ausgegoffen wurden, gab ibm die Beder zu der zweiten Bertheidigungsichrift in die Sand, obwohl ihm die Merzte vorausfagten, wenn er fich nicht ichone, werde er feine ichon lange durch die Anftrengungen der Rachtarbeit geschmächten Augen vollends zu Grunde richten. Er brachte bem Baterlande fein Augenlicht jum Opfer; er erblindete für immer. In der Abhandlung "über die Stellung der Ronige und Obrigfeiten" rechtfertigt er die über Rarl I. ausgesprochene und vollzogene Lodesstrafe aus Grunden des Naturrechts und der Bolisfouveranetat. Der "Iconoclaft" oder die germalmende Begenschrift wider das bekannte, angeblich von Rarl I. felbft herruhrende Buch "Eiton bafilite" ift ein Mufter fraftiger und ebler Polemit und das goldene Schriftden "Areopagitica" verficht mit poetischem Somung und mit hinreißender Beredfamteit die ebelften Guter bes Menfchen, Dente, Lehre und Breffreiheit und zwar gegen seine bisherigen Gefinnungsgenossen, Die Bresbyterianer im Parlament, als fie ihren jungft errungenen Sieg nunmehr zu Bwangsmaßregeln migbrauchen, ben freien glug des Geiftes durch eine Cenfur hemmen wollten. In der republitanischen Beit war Milton, wie erwähnt, als Secretar des Staatsraths für die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in Cromwells Cabinet thatig, verfaßte die bedeutenoften diplomatifchen Attenftude und Regierungsfcreiben in Naffifchem Latein und fuhr fort als Berfechter der Boltssouveranetat und der nationalen Rechte gegenüber der Fürstentprannel in die Schranken ju treten. Much an eine Geschichte Englands in der angelfachfifden Beriobe legte er Sand. Es ift uns betannt, daß nach puritanifdrepublitanifcher Auffaffung alles Unbeil in Staat, Rirche und Befellichaft von der normannischen Eroberung ausgegangen ift. Selbft noch unter Richard Cromwell bat Milton sein wichtiges Staatsamt verwaltet. Und mit welcher Charafterfestigkent ber blinde Seher feinen Grundfagen treu blieb, erfieht man noch aus der turg por der Restauration verfasten Schrift : "ber mögliche und leichte Beg, ein freies Gemeinwefen berzustellen", und aus einem Schreiben an Mont, worin er diefen "glatten Beuchler"

ju bestimmen fuchte, durch das neu einzuberufende Parlament der englischen Ration

eine abnliche republikanische Bundes-Berfaffung geben zu laffen, wie fie in den niederlandischen Bereinsstaaten bestand.

Rach der Rudtehr des Ronigs war auch Milton in Gefahr; feine "Schuprede" 3. Miltons wurde vom henter verbrannt; et felbst faß eine Beitlang in der haft des hauses ber jabre und Gemeinen; nur der Berwendung einstupreicher Freunde hatte er es zu verdanken, daß Dicheungen. er den Schergenhanden der Berfolger und der reactionaren Buth der "Cavaliere" entging. Rarl II. foll gefagt haben, "ich bore, er ift alt, arm und blind, bann ift er genugfam gestraft." Und fo mar es in ber That. Sein Bermogen mar berloren gegangen ; er lebte mit einer britten grau in einer liebeleeren Che; feine Sauslichteit mar ohne Freude und Freunde; feine zwei Löchter lebten mit der Stiefmutter in Unfrieden und waren felbft gegen ben Bater ohne Singebung. In diefen Jahren der Erubfal fuchte Milton wieder Eroft und Erhebung in der Dichttunft, fur die er mabrend ber republitanischen Beit wenig Duge batte. Rur einige Sonette gaben ber inneren Stimmung Ausbrud; eines der iconften ift fein Rlagelied auf feine Blindheit. Best entfolog er fic, das ,, talte Clement der Brofa abzuftreifen" und zur Boefie zurudzufehren. Ein junger Freund, der Quater Ellwood, las ihm bor; feine jungere Lochter Deborah forieb auf, mas ihr ber Bater dittirte. Soon in der Jugend hatte fich Milton mit bem Gedanten eines großeren epifchen Gebichtes getragen : aber dem gereiften Republitaner ftand es nun nicht mehr an, den britifchen Sabeltonig Arthur mit feiner Lafelrunde, ben er fich damals als Belben auserfeben, jum Gegenftand feines poetifchen Schaffens ju mablen : er griff ju einem Stoff, ber feiner protestantifchenichen Befinnung, feiner Bibelgläubigleit und dem gangen religiofen Charafter ber burchlebten Beit entsprach. Bie einft Dante, der Bertheidiger der taiferlichen Monarchie, nachdem er die befte Kraft feiner Mannesjahre an die politischen Rampfe einer tiefbewegten Beit gewendet und fein Lebensglud in dem Schiffbruch feiner vaterlandifchen Soffnungen berfunten fab, in einem religios-allegorifden Bedichte feine firchlichen und politifden Grundfage und Anfichten nieberlegte; fo befchloß auch Milton, ber Berfechter ber relis giofen und burgerlichen Freiheit, der Anwalt der Boltsfouveranetat und des Konigsmorbs, nachdem feine Ibeale an ber harten Birflicteit gerichellt, in einem inbaltichmeren . . tieffinnigen Bert anzuwenden "was ihm in diesem Leben noch an Sabe verblieben," gleich dem Florentiner in der "hinauflauterung bes Sinnlichen jum himmlischen" die Aufgabe des tunftlerifchen Schaffens erblidend. Die bei Mit- und Rachwelt bewunderte episch-allegorische Dichtung "das Berlorne Paradies" war die Frucht dieser geistigen Arbeit. Obgleich erft unter der Reftauration (im 3. 1667) vollendet, athmet fie boch durchaus den Geift des Puritanismus, wie die "Woche der Schöpfung" von Du Bartas den des hugemottenthums (X, 709). Bas konnte einem fo ernst gestimmten Geschlechte, das gesehen hatte, wie die Ration zu Gerichte faß über den König, wie nach himmlifden Rathidluß die Sunden der Bater beimgefucht wurden am fpataebornen Entel. naber liegen als die Erzählung bom Sundenfall, der die gottliche Strafgerechtigfeit über die Menfcheit herabzog, fie aus dem Paradiefe verjagte und den Leiden im Leben und den Schmerzen des Todes bingab? Bie die Dichter des Alterthums die Mythengotter in die Menfchenwelt eingreifen laffen, fo benutt Milton die aus dem altverfischen Glaubenetreis entsprungenen biblischen Traditionen von guten und bofen Engeln, von Radten und Beerschaaren des himmels und der Bolle, um die driftlichen Borftellungen und Doctrinen anschaulicher zu machen, um Theologie und Boefie, Dogma und Mythenbildung zu einer dichterischen Schöpfung mit symbolisch-didaktischer Tendenz zu verimmelgen, die Schate fremden Biffens mit der eigenen Erfindung verbindend. Bon bem anfanglichen Blane einer dramatischen Behandlung ift er abgegangen. Doch entbalt die ergablende Form im reimlofen Blancvers viele dramatifche Elemente.

Das Bers

Radibem ber Dichter die himmlifche Ruse angerufen, und ben beiligen Geift, ber in forne Bara" reinen Bergen wohnt, damit er befingen moge "des Menichen erften Ungehorfam", ber alles Beb über die Erbe gebracht, betritt er ben finftern Gollenraum, wo Satan und die gefturgten Damonen weilen, feitbem ihr Berfuch, fich ber herrichaft ju bemächtigen, gefcheitert mar. Der Furft der Finfternis hat erfahren, daß Gott eine neue Schöpfung ine Leben gerufen und ein Gefchlecht erzeugt habe, bas nach feinem Bilbe gefchaffen ihm ahnlich fein und an die Stelle ber verbammten Beifter treten folle. Diefen Blan will er vereiteln. In bem auf feinen Befehl rafd erbauten "Bandamonium" verfammelt er feinen Genat, um die Mittel und Bege ju berathen. Moloch ift für Erneuerung bes Krieges, Mammon für Erhaltung bes Friedens, Beelgebub für Berftorung der neuen Schöpfung. Satan felbft übernimmt es, den gottlichen Rathichluß ju erforicen. Die Bachter bes Bugangs jum Bollenreich, Gunbe und Sod öffnen ihm bie Thore; mubfam burchfchreitet er ben von gabrenden Glementen burchtoften Raum bes Chaos und ber alten Racht. Der britte Gefang führt uns bann in bas Reich bes Lichtes ein, wo Gott felber wohnt. Mit Entjuden preift ber Dichter bas Licht "bes himmels Erftgebornen" und flagt webmuthig, daß die Strahlen deffelben nicht mehr in feine Augen dringen. Gott der Gerr fieht von feinem himmelsthrone ben Satan nach ber neugefchaffenen Belt fliegen; er zeigt ibn bem gu feiner Rechten figenden Sohne und fagt ben gall bes Menfchengefchlechts voraus; er tonne ihn nicht berhindern, da er daffelbe mit freiem Billen ausgerüftet und mit der Rraft bem Berfucher au wiberfteben. Der ewige Sohn Gottes legt Aurbitte ein und bietet fich jum Suhnopfer für bie Berführten bar. Dit Inbelchoren preisen barauf bie Rinber bes Lichts Bater und Sohn. Unterbeffen fcwebt Satan durch ben himmelsraum und erfahrt unertannt von Uriel ben Bohnfit Abams und Evas. Die Zweifel in feine Rraft werben burd bie Gluth feiner Leidenschaft gerftreut. 3m Gegenfat jum Mittelalter, wo ber bumme, betrogene Teufel Gegenftand bes Spottes war, tritt bei Milton ber Satan jum erstenmal als willenstraftiger, verichlagener, boshafter Berführer auf, ber gurnend über ben Berluft ber ehemaligen Berrlichfeit bem Ueberwinder fein Bert zu vertummern und ju gerftoren fucht, ber in wilbem Eroge verharrend unaufhörlich auf Rache und lebelthaten finnt, der lieber in der bolle herrichen als im himmel bienen will. Selbft der Arges finnende Damon wird von Bewunderung ergriffen uber bie Bracht bes irbifchen Barabiefes, bas fich por feinen Bliden eröffnet, über bie Schonbeit und Seligkeit des in ungetrübter Freude, Unschuld und Liebe dahin lebenden Menschenpaares. Gin idulifches Bild bon hoher Schonbeit mit bem vollen poetischen Farbenreichthum einer fruchtbaren Einbildungefraft breitet fich unter ber ichaffenden Geistesthätigkeit bes Dichtere aus; Die Berrlichteit eines jungen, frifden Naturlebens und bas Glud und ber Frohgenus eines ungetrubten Che- und Liebesbundes mochten fein Inneres um fo tiefer ergriffen haben, als er ju jenem die Buge nur aus Erinnerungen, ju diesem nur aus der eigenen unerfüllten Sehnsucht fcopfen tonnte. Boll Reid und Groll fcaut Satan auf die neue herrlichteit und fein Borfas, die foone Menfchenwelt gu verberben, erwacht mit neuer Starte in feiner finftern Seele. Er hat das Gefpräch Adams und Evas belauscht und vernommen, daß ihnen verboten fei vom Baume ber Erkenntnis zu effen. Darauf grundet er feinen Blan. Bwar wird er bei einbrechender Racht von dem Engel Gabriel, dem Bachter Edens vertrieben, aber in Rebel gehüllt weiß er fich magrend bes Duntels wieder einzuschleichen und fich unter der Geftalt der Schlange ju bet--bergen. Um die Absichten des Berderbers ju vereiteln, sendet der herr seinen Engel Rafael nach bem Paradiese, damit er bas junge Baar warne. Bie ber Daja Cohn durchfliegt ber gottliche Botichafter ben Gimmeleraum. Abam führt ibn in die von Bobigeruchen duftenbe Laube und bereitet ihm ein Dahl von fußen Fruchten. Dier lagt nun der Dichter, geftust auf die Andeutungen in der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12, 7 ff.) Rafael ben vorweltlichen "Streit im himmel" ergablen. Die furchtbare breitägige Geifterfchiadt ber vormenfchlichen Gefcopfe, von denen die Einen um Gott und feinen eingebornen Sohn, die Andern um Satan, bas Saupt ber Emporer geschaart find, um die Weltherrichaft, gleicht bem Rampfe ber Titanen und

Siganten ber griechischen Götterfage und fpiegelt zugleich bie Schlachten ab, welche bie Cavaliere und Rundtopfe turz gubor einander geliefert. Dit Gulfe ber bollifchen Rriegsmittel, ber Kanonen und bes Bulvers, welche die Damonen in der Racht erfunden haben, geftaltet fich ber großartige Kampf am zweiten Sag fo gewaltig, daß ber Ausgang zweifelhaft wird, bis ber Sottesfohn, ber funftige Reffias felbft ben Streitwagen besteigt, ben Sieg erringt und Die Ueberwundenen in die Tiefe ber Golle hinabsturgt. Aber aus dem finftern Abgrunde herporbredend, befdließt ber Engel feine Ergahlung, find fie noch immerfort bedacht, Bofes zu ftiften, barum follten Abam und Eva auf ihrer Duth fein. Rachdem Rafael feinen durch bas fünfte und fechte Buch fich bingiebenden Bericht von bem über alle Borftellung großartigen und gewaltigen Geiftertampf geendigt, im fiebenten Gefang bem wisbegierigen Abam noch die Schopfungegeschichte (nach der Genefis) nebst dem Rathichluffe Gottes in Betreff des Denschengefchlechts enthullt, im achten Abam felbft aus feiner Erinnerung ihm feine eigene Erfchaffung mitgetheilt und wie auf sein Berlangen nach einem Wesen bas feine "vernünftigen Freuden" mitgenöffe, Gott ihm bas Beib gegeben; verläßt ber Engel bas Paradies wieber, ben liebeglubenden Mann weise ermahnend, fich nicht ber Leidenschaft hinzugeben. Im neunten Buch erfolgt die Rataftrophe. Gegen die Barnungen Abams fest Eva ihren Billen burch, für fich allein ihren Geschäften in Pflege bes Gartens nachzugeben. Da naht ihr Satan in Geftalt ber Schlange und weiß burch wohlberechnete Beredfamteit voll Schmeichelworten und liftigen Trugfoluffen ihr unbewehrtes Berg fo ju umgarnen, baß fie die verbotene Frucht vom Baume ber Erfenntniß genießt und den Cheherrn beredet, daffelbe zu thun. Bon Liebe überfließend will er lieber mit ihr fterben als ohne fie leben. So wird die erfte Sunde begangen; die Unschuld ift dabin; wie berauscht ergeben fich beibe ber Sinnenluft; nach ihrem Erwachen werden fie ihre Blobe gewahr und ihre Schuld ertennend machen fie fich gegenseitig Borwurfe. Die frubere Innigfeit ber Liebe weicht ber Bwietracht und bem Saber. Auf Die Runbe von bes Menichen Bergeben verlaffen die Schutengel das Paradies. Der Gottesfohn, dem der Bater das Richteramt überläßt, fteigt bernieber und spricht bas Urtheil. Satan aber eilt frohlodend nach bem Bandamonium und verfundet seinen Sieg. Um ben Bugang von ber Bolle jur Menschenwelt und von diefer ju jener zu erleichtern, bauen Sunde und Tod eine Brude über bas Chaos, wie einft Terres über ben Bellefpont, als er gur Unterjodung Griedenlands auszog. Auf Gottes Befehl mandelt nun die Erde Geftalt und Beschaffenheit; Bechsel und Berganglichfeit gieben ein; Thiere und Geschöpfe, sonft friedlich lebend, wenden fich in Feindschaft wiber einander. Die harmonie bes Menschendaseins mit bem Raturleben bort auf, wie bas ungetrübte tinbliche Berbaltnis bes Menfchen gu Gott und Die Gintracht unter einander. Abam ift im Gefühl feiner Shuld von Gram und Reue niebergebeugt; auf talter Erbe bingeftredt municht er wieber in Staub vermanbelt zu werden. Dit gurnenben Borten weift er Eva's Troftversuche gurud. In Adams unwilliger Strafrebe fcuttet Milton fein eigenes Berg aus; in ber Schilberung: "mit ungehemmter Thranenflut und aufgeloftem Daare fiel Eba ihm bemuthig ju Fugen und biefe umfaffend bat fie um Bergeihung" wird man an eine Scene in des Dichters eigenem Cheleben erinnert. Die Reuevollen finden endlich Eroft und Beruhigung in der Berheißung, daß bie Shlange von ihrem Samen zertreten werden solle. Sie finden fich in das Unabanderliche und juden durch Arbeit und Gebet ihr Schidsal zu erleichtern. Der Erzengel Michael empfängt den Auftrag, die Gefallenen aus dem Paradiese zu verjagen. Der Bote Gottes führt Abam auf ben bodften Berg im Baradies und lagt ibn in einer Bifion erschauen, mas bis gur großen Bluth geschen wird, die Wirkungen des Todes, der Krankheit, der Sunde, die Rettung der Berechten in ber Arche Roahs. Dann ergablt ber Engel im zwölften, letten Gefang bie Schickfale der Rachtommen Abrahams, das Erideinen bes Gottessohnes auf Erden und die Suhnung des Sundenfalles durch beffen Opfertod und Auferstehung. Rachdem er noch die Entartung der papfiliden Rirde gefdilbert, Die fich unfehlbar nennend burd Berfolgung Die Menichen zwingen will "wider Glauben und Gemiffen" fich ju ihr ju betennen, verfundet er die endliche Biebertunft bes Geilands in ber Berrlichfeit bes himmels und gibt bei feinem Scheiben bem Abam bie Belehrung: "Füge gur Ertenntnis ber Bahrheit Gelbftverleugnung und bie rechte Liebe im Thun, bann haft bu ein Parabies in bir, gludlicher als bas, welches bu jest verlaffen mußt". -Unterbeffen hat Eva im Schlummer gelegen, aber gunftige Traume haben ihr Gemuth beruhigt. Sie ift bereit, dem Manne gu folgen, benn: "Dit dir geben beißt im Paradiefe bleiben". Darauf nimmt der Engel beibe an der Dand und führt fie hinaus; ein Cherub mit fiammendem Schwert wird jum Buter ber Pforte bestellt. "Go gehn fie, Band in Band, langfamen Schrittes burch Cben ben einsamen Bfad babin."

Das wieber-

Diefer Ausgang ber erften Menfchen tonnte bem glaubigen Beitalter nicht genügen : Barabies der alte angelfachsische Dichter Caedmon, deffen Bibel-Paraphrase Milton vielfach benutt haben foll, ließ boch wenigstens auf ihrer Banberung die ewigen Sterne als Eroft der hoffnung über ihnen leuchten. Dan hatte ein Gefühl, daß bas Gedicht bamit nicht foliegen tonne, daß die wiederholte hinweifung auf einen funftigen Erretter, den Meffias, in einem ergangenden zweiten Theil ausgeführt werden follte. Es wird ergablt, Ellwood habe den Dichter gefragt : Soll es benn bei dem Berlufte des Paradiefes bleiben? mann zeigft Du uns das wiedergewonnene? Milton ertannte die Richtigfeit der Bemertung: drei Jahre fpater erfolgte die Erganjung in bier Gefangen, das Paradise regained, ein episch bibaltisches Gedicht, auf das er selbst den größten Berth legte, das aber die Rachwelt minder boch anschlug. Bie das verlorne Baradies den gall in der Berfuchung und den Ungehorfam der erften Menfchen mit feinen Folgen zeigte, fo follte bas "Biedergefundene" in Chriftus, bem zweiten Abam, ben volligen Behorfam und die unverlette Treue in der Berfuchung darftellen; und wie in jenem das Alte Testament jur Grundlage und Quelle des Inhalts gemacht wird, fo in diefem die Evangelien des neuen, mit einer noch größeren Unwendung gelehrten Biffens. Auch in Form und Bersmaaß, dem reimlofen Jambus, wie in Entwurf und Anlage bilden beide Gedichte ein jusammenhängendes Sange, nur daß bei dem zweiten eine Abnahme ber poetischen Rraft fich tund gibt und die duftere Lebensanschauung in noch ftarterer Farbung borgetragen wird. "Die Befreiung des Menfchengeschlechts aus gottlicher Liebe tritt gang gurud vor bem einzigen 3med, bas Bofe in ber Belt, ja biefe felber mit aller ihrer Sinnenluft als heillos ju verwerfen."

Satan, ber im erften Gebichte als Sieger hervorging, erleibet im zweiten eine fcmabliche Rieberlage. Als Sejus von Johannes im Sordan getauft wird, erkennt ber Fürft ber Finfterniß in ihm ben verheißenen Samen bes Beibes, bestimmt bie Dacht ber Golle gu brechen. Er verfundet feinen bamonifden Befahrten, die er zu einer Berfammlung beruft, feine Abficht auch gegen diefen feine Berführungstunft ju erproben. Als Sefus in der Bufte weilt, in Gelbftgefprachen fein vergangenes Leben und feinen Erlöfungsplan überbentend, nabert fich Satan in Geftalt eines alten Landmannes und richtet feine argliftigen Angriffe gegen ibn, wobei bie in ben ebangelifden Befdichten enthaltenen Ergablungen in tunftreiche Befprache form gebracht find. Bei ben weiteren Berfuchungen, die alle an bem festen Sinne bes Deffias icheitern, wird eine große Belehrsamkeit und Belefenheit entfaltet, um den Berfucher aus den Beispielen der alten Befchichte und Sage ju belehren, wie nichtig und icaal die Guter der Erde, Reichthum, Ruhm, Macht und Ehre und alle Große und Gerrlichfeit ber Belt feien, im Bergleich ju ber frommen und religiofen Ergebenheit eines biob. Es find rhetorifche Disputationen, in welchen das gur und Biber in weitläufigen Ausführungen berhanbelt wirb. 3m vierten Gefang zeigt Satan bem Beiland Rom, ale Inbegriff aller Reiche ber Belt; ju bem wolle er ibm verhelfen, wenn er vor ihm niederfalle und ihn anbete; Befus aber weift auf bie Lafterhaftigfeit und Berberbnis Der Beltftadt bin und gibt ihm ju verfteben, bag fein Reich von gang anderer Art fei. Richt

aludlider läuft ber Berfud ab, ben Gobn ber Maria, ber fcon als zwölfjahriger Anabe im Tempel Beiden von großer Einficht und Bigbegierbe gegeben, burch ben Ginweis auf Athen, auf griechifde Beisheit und Runft ju verloden. Befus weift die Rehrfeite nach: Die Doblbeit ber vermeintlichen Ertenntnis, Die Dunkelhaftigfeit und Gelbftvergotterung der Philofophen, neben ber großen Unwiffenheit mit Allem mas ju Gott und jur Geligkeit führt. Bie leer, eitel, weltlich fer boch die griechifde Boefie und Berebfamteit gegenüber ben beiligen Gefangen Davids und ben Bertunbigungen ber Propheten! Eben fo fruchtlos ift ber Berfuch, Befum burch die emporten Raturfrafte ju foreden und bie leste Berfuchung auf ber Binne bes Tempels. Burudgewiesen in allen feinen Liften und Tuden, überwunden bon bem Deffias, wie Antaus von Bovis Sohn, fturmte Satan ber Bolle gu, wie fich die Sphing von Theben, nachdem ibr Rathfel geloft mar, in den Abgrund fturgte. Engelfchaaren ericheinen, tragen auf ihren Schwingen ben Gottesfohn in ein blumiges Thal und dienen ihm; fie feiern feinen Triumph mit einem Siegeslied und rufen ihm au: "Beginne nun bein großes Bert, bet Menfchengefchlechts Erlofung"; er aber tehrt beim in feiner Mutter Daus.

Damit endigt bas Paradise regained; bas es in feiner bermaligen Geftalt nur ein Bruchftud fei, deffen Bollendung der Dichter beabfichtigte aber nicht ausführte, ift behauptet worden, tann jedoch nicht bewiesen werden. In dem rednerischen Bettlampfe mit gelehrtem Apparate, wie er hier bargeboten wird, ift die Erfullung des im Berlornen Baradiefe in Ausficht gestellten Gebantens ber Erlofung nimmermebr zu ertennen. Milton hat die eigentliche Aufgabe des wiedergewonnenen Paradiefes, den Sieg des auferftandenen Beilandes und die Grundung bes Reiches Gottes nicht geloft. Dies blieb einem deutschen Dichter borbehalten. In einem milber gestimmten, für humanitat und Beltburgerthum begeisterten Beitalter bat Alopftod bie Berfohnung Gottes durch den Opfertod bes Meffias befungen. Un die Stelle des gurnenden Jehoba mar mittlerweile die Borftellung eines Gottes der Gnade getreten.

Auch die leste poetische Arbeit Miltons "Samson Agonifies", mehr ein Somnus Samion in dialogifcher Form als ein dramatifches Gedicht, hat einen biblifchen Stoff mit Be- Agonifies. gichungen auf bas eigene Schidfal bes Dichters jur Grundlage. Behrlos und feiner Augen beraubt beflagt Simfon vor ben Landsleuten fein ungludliches Dafein. Bon ben Philistern zu ihrem Opferfest gezogen, führt er die Ratastrophe herbei, die ihm nebft den gogendienerifchen geinden den Untergang bereitet. Ber tann fich der Anficht berichließen, daß Milton bei dem auserwählten Gottesftreiter und seinem tragifden Befdid an fich felbft gedacht babe? 3m bittern Gefühl über bas entartete Befdlecht, iber das erloschene Augenlicht, über die Falfcheit der Beiber, ficht der Dichter nur einen Ausgang in dem allgemeinen Ginftury und in der Rache Gottes. Die Tragodie, in antifer Form mit Chorgefangen, murde in der Folge von dem deutschen Confunftler bandel zu feinem unfterblichen Dratorium verwendet. - Bis an fein Lebensende bewahrte Milton Die geiftige Rraft und Thatigteit. Das er für fein Berlornes Paradies nur aweimal funf Bfund von dem Buchbandler erhielt, daß die reactionare Cenfur dem republitanischen Dichter fcarf zu Leibe ging, bat ihn vom Schaffen nicht zurudzuhalten bermocht. In feinem Lehnstuhle figend ließ er lefen und fcreiben; bas Orgelspiel, bas er von jeher geliebt, ward auch jest noch fortgefest; am Abend empfing er ben Befuch der wenigen Freunde, die ihm treu geblieben, bei der Pfeife und einem Glafe Baffer. Auch von dem iconen, garten Antlit, bas ihm einft bei den Jugendfreunden den Beinamen "Laby" eingetragen, waren noch nicht alle Spuren verschwunden und die hohe aufrechte Gestalt mit bem langen bellen Lodenhaar tropte lange ben Wirtungen des Alters. Schmerzlos und ruhig ift er am 8. Rovember 1674 entschlafen. Milton im breiundzwanzigsten Jahre gelobt, in ben Augen feines "großen Werkmeisters"

treu befunden zu werben, bas blieb fein Borfat bis zum letten Athemang. Er allein bat bas Buritanerthum auf alle Beiten geabelt. Die Freiheit, Die boch gwifchen ben Alippen königlichen und kirchlichen Bwanges wie bes roben Fanatismus bemagogifcher Schwarmgeister das Biel der ungeheuren Bewegung war, hat er wie ein perold hinausgerufen; und fie klingt wieber in den Stimmen aller Bolter, welche Die bem Gewiffen und ber Gefellichaft angelegten Teffeln abftreifen."

Buritanfle mus und

Es liegt in der menschlichen Ratur, daß jede Einseitigkeit, wenn auch großartig mus und gewaltig in ihrem Auftreten, Biberfpruch und Opposition hervorruft, bag bem feierlichen Ernft die Rehrfeite, Ironie und Berfpottung gegenübertritt, bag bas tragifche Pathos in- der Romit und Satire eine Abschmächung erleidet. Das wirkliche Leben findet nur Beftand und Dauer in einem Gleichgewicht der Rrafte, jedes Extrem erzeugt ben Gegenfat als Correctib. Bir haben in ber obigen Darftellung gefeben, wie viele fcmache und angreifbare Seiten bas puritanifche Settenwefen bem nuchternen So bod man auch ben ftandhaften Muth in Befampfung bes Beidauer darbot. ropaliftifden Abfolutismus und des bischöflichen Bochtirchenthums anertennen mochte. fo barg doch der gesteigerte Puritamismus fo viele ungefunde, ftarre und vertehrte Clemente in feinem Schoof, fo mar boch bas gange Auftreten der "Beiligen", ber "Cant" mit biblifchen Rebensarten in der Bredigt wie im Gefprach, Die gur Schan getragene Gottfeligkeit, die Biederbelebung altteftamentlicher Borftellungen, Gelchniffe, Gebräuche, die fremdartige religiöse Uebertreibung in Reden und Thun so auffallend, so barod und absonderlich, daß fie jum Spott, jur Bronie, jur Berfiflage berausfordern mußten.

Sam. Butler

So faste denn im Begenfag ju ber duftern puritanifchen Beltanfchauung, die in Milton's Dichtungen den Grundton bildet, sein Leitgenoffe Samuel Butler die lächerlichen Seiten ins Muge, indem er in form einer tomifchen Cpopoe unter bem puris tanischen Ritter "Budibras" dem Titelhelden seines Gedichts bas Thun und Ereiben ber Rundtopfe satirisch darftellte und verspottete. Die Gauptzüge scheint er einem presbyterianischen Squire ober Landebelmann aus Cromwell's Reiterschaar entnommen gu haben, in deffen Saus der Dichter mehrere Jahre als Erzieher gelebt batte. In drei Bucher getheilt, jedes ju brei Gefangen, foilbert bas Gedicht in leichten trochaifden Berfen mit Reim und in vollsthumlicher Sprache eine Reihe von Scenen voll derber Bige, tomifder Situationen, gemeiner oft chnifder Ausbrude und Anfpielungen, worin die Rampfe der Barlamentarier gegen die Cavaliere in einem faritaturartigen Berrbild dargestellt find. Mit dem neunten Gefange bricht das Gebicht, bei dem die fatirifde Tenden, den epischen Blan und die funftlerifche Anlage weit überwiegt, unbollenbet ab. Bielleicht hat der Undank der Cavaliere und Bifcoflicen, die zwar das Gedicht net großem Beifall begrüßten, aber den Dichter febr maßig lohnten, diefem die Arbeit berleibet. Selbft König Larl II., dem die Parodie fo wohl gefiel, daß er gange Berfe aus dem Gedachtnis herzusagen vermochte, hat fich in feiner Ertenntlichteit nicht bober als zu einem Gefchent von 300 Bfund verftiegen, dager Butler in brudender Roth aus bem Leben geschieden ift. Unvertennbar fcmebte bem Dichter bes Sudibras ber Don Quigote von Cervantes vor Augen; aber er mußte fich weber zu der tieffinnigen Idee noch ju der funftreichen Ausführung des fpanifchen Meifters ju erheben. Er bat von jenem unfterblichen Berte (XI, 265 ff.) nur die außere Anordnung fich angeeignet. Bie der Junter von La Mancha und fein Stallfnecht Sancho Banfa auf Abenteuer ins Feld ziehen, fo zieht auch Ritter Sudibras, "der fein fteifes Anie noch nie gebeugt", in Behr und Rleidung munderlich ausstafürt, in geiftlichem Biffen und in ber theologifchen Phraseologie der Beit mohl geubt, auf einem blinden oder halbblinden Ros jum beiligen Rampfe aus wider Pralatenthum und Ropalismus, begleitet von feinem Anappen Ralf, einem Independenten, ber feinem Berrn in ber außern Erfcheinung wie

an Gottesgelehrtheit und religiöfer Ertenntniß gleich ift, ja benfelben noch übertvifft, erleuchtet burch fein "inwendig Licht". "Ihr Angug, Baffen, Bis und Muth past alles unter einen but." herr wie Rnecht find gemeine, feige, eigenfüchtige und beuchlerifche Figuren, denen ber Dichter alle Lafter, Thorheiten, Bertehrtheiten und Sacherlichteiten beilegt, welche die Rapaljere den Rundtopfen schuldgaben. In allen Rampfen mit Dieben und Schlagen reichlich bededt, mit hohn und Schmach beimgeschidt, bruften fie fich dennoch mit ihren heldenthaten. Mit der Selbstgefälligkeit eines orthodogen Presbyteriauers führt Gubibras alles was ihm widerfährt auf die Borfehung Gottes prid ; alle gemeinen Bwede und Abfichten weiß er mit fophiftifcher Apologetit in einen beiligenfdein zu bullen und mit den Schlagwörtern und Argumenten der "Gottfeligen" ju rechtfertigen. Richt ohne Big und tunftvolle Behandlung in einzelnen Schilderungen, erregt das Gedicht doch häufig ein widriges Gefühl durch das Gefallen am Riedrigen und Gemeinen. Man wandelt über Sumpfpflanzen ohne Sonnenlicht und blauen himmel. Die Figuren find aller Idealität entfleibet. Man wird durch die Soble des Lafters und ber Conit in bas offene gelb von Brugeln und Dieben geführt.

Sudibras will eine Bolfebeluftigung, eine Barenhebe, nicht bulben, weil fie ein Spiel Der Onbibes Antichrifts fei und in ber Deil. Schrift nicht erwähnt. Ralf ift bamit einverstanden, meint aber, die Spusden und Presbyterien feien nicht minder fchriftwibrig und antidriftlich als ber Baren- und Gundetampf. Che ber Rampf mit bem Barenführer und feinen Genoffen, best Reger und Siebler beginnt, halt Oubibras eine Dahn- und Strafrebe an die jum Bufchauen berbeigelaufenen Boltshaufen : Bie tann ba die Reformation gebeiben, wenn man Barenbeben bulbet? Dat man barum die Ration aufgeboten, Rirche und Staat ju reformiren, also bag bie Alempner nicht mehr ausrufen: "Reffelflider", fondern : "Berbeffert die Rirche!" daß die Bandler richt mehr schreien: "Besen und alte Schuh", sondern: "Fegt's Parlament und schafft uns Ruh!" bie Berlaufer, ftatt nach alten Rleibern ju fragen, bie Borte boren laffen : "Beg mit Chorbemb und Liturgie!" bag ber Mausfalltramer auf ben "bofen Rath" fcmabt, bas Bolt brobend forbert: "ben Covenant beschworen"! Dat man barum für die "große Sache" in patriotifder Begeifterung Rrug, Rachttopf und Botal, barum Becher, Blafche und Teller ober Daarnabel, Löffel und Fingerhut bargebracht, bag ihr bem Baren und hund nachzieht, wie einft Suda vor bem golbenen Ralbe nieberfiel? Bei ber Schilderung bes Rampfes, in welchem Gubis bras von der Reule des Schlächters Talgol getroffen, von feinem fich baumenden Rof auf ben Baren fallt, ber lahme Fiebler bon Ralf jum Gefangenen gemacht und in ben bolgernen Dorfihurm geführt wird, verfällt ber Dichter in feiner Romit nicht felten ins Unfläthige, Chnifche und Groteste. Die Geige bes übermannten Fiedlers wird confiscirt; benn den Gottfeligen gebührt alles Eigenthum, bas ihnen mit Unrecht die Beltleute vorenthalten. Babrend Oubibeas fich der froben Betrachtung bingibt, wie man ihn ob feines Sieges in der Synode und auf der Rangel feiern werbe; fammeln fich die Geinde wieder gur Rache. Und nun geht es wie es im Bolfstied heißt: "was ein Sag ober Monat oder Sahr an Freuden gebracht, tann eine Stunde gerftoren". Trulla, eine zweite Seanne d'Arc, verbindet fich mit dem Schuhflider Cerdon und bem Bauernknecht Rolon und beginnt, nachdem fie ben flüchtigen Bar por ben Brugeln bes Bobels gerettet und "auf einer fchattigen Biefe am tublen murmelnden Bache" geborgen, ben Rampf aufs Reue. Und nun wird Oubibras, als er in füßen Traumen fich bormalt, welche buld und Gunft ihm feine Thaten bei ber fernen Dame feines Bergens einbringen werben, bon ber trupigen Maib übermunden und muß, feines Bams und Pangerrocks beraubt und mit einem Beiberrod angethan, in benfelben Thurm wandern, wo er vorher ben Riebler eingeschloffen, mahrend biefer im Triumph befreit wird. Dorthin wird auch Ralf geführt, ben ber Barenbuter Bull gebracht. Der Ritter vertreibt fich bie Delancholie mit philosophischen Betrachtungen: er findet, daß die paffive Lugend hober anzuschlagen fei als die attive. Als aber ber Stall-

tnecht wieder auf seinen Sas jurudtommt, daß Synoden und Breebyterien mit Barenbegen in eine Rlaffe zu fegen feien, als er behauptet, die Synobe fei die Baftardtochter ber Inquifition, am Rlang von Rafe und Mund bore fie, ob einer innerlich gefund fei und ohne Gunde, als et Presbyterei eine republitanifche Bapftelei nennt, ba entbrennt bes Ritters orthoboger Born: er beweift bem Rnecht nach ben Regeln ber Logit, bag Synoben feine Barenbegen feien, bag bas innere Licht jenen nicht recht erleuchte. Ale die geflügelte Kama die Runde von bem Schickfole bes hubibras in bas Schloß ber geftrengen Bittwe trug, welcher ber Ritter fein Berg jugewendet hatte, machte fie fich fofort auf, um den Gefangenen zu befreien. Seine Liebesbetheuerungen vermögen ihr teine Gegenliebe einzuflößen; fie verlangt eine fcmverere Brobe; er foll fich ftaupen laffen; der Staupenfolag fei der einzige Beg jum Tempel der Chre, ber Tugend Lehrmeister. Bie follte nicht bas Auspeitschen, wenn es mit Salt und Gragie geschieht, bas Berg eines Beibes ruhren? Ift ja boch vor Rurgem ein Lord von feiner eigenen Gemablin am Bettgeftell nadt mit Ruthen gezüchtigt worden, weil er zu ber toniglichen Bartei neigte, worauf bas Barlament ber Dame wegen ihres patriotischen Beroismus einen öffentlichen Dant votirte! Pubibras verfpricht mit Bort und Gibichwur, fich bem Berlangen ber Bittwe ju fugen. Aber am nächsten Morgen tommen ihm Bebenten. Er überlegt ben Fall mit Ralf und diefer beweift ibm, bag Cibbruch eine viel geringere Sunde fei, als fich jur Buge und Befferung ben Leib mit Ruthen gu ftreichen. Letteres ftebe nur bem funbigen Denfchen gu; Die Frommen und Beiligen aber, wohn fie beibe gehorten, durften fich fo beidnischem Gebrauche und Rafteien nicht unterwerfen. Bortbruch bagegen fei fo gewöhnlich geworben, bag er für erlaubt und geboten angufeben fei. Dat denn nicht "bie Sache" mit Meineib angefangen? Dat nicht bas Barlament auerft ben Gib, bann ben Frieben gebrochen ? Daben nicht die Offigiere ihr Batent im Ramen bes Ronigs erhalten und boch wider ihn getampft? Ift nicht League und Covenant querft befdworen, bann widerrufen worben? Dat nicht Cromwell bewiesen, bag Bort und Schwur nur Bind und Lippenbewegung fei. Eib und Gefete, beweift Ralf ferner, find nicht erfunden, Fromme und Beilige ju binden, fondern nur arge Sunder. Der Fromme fei als ein Beer bes himmelreichs ju betrachten, ju beffen Privilegien es gehore, nur bei feiner Chre ju fcworen. Die Quater, die wie die Laternen ihr Licht inwendig tragen, verwerfen ben Eid, weil fie nicht begreifen, was einem freigebornen Gemiffen gufteht. Bede Gunde rubre vom Teufel ber, ber bie Menichen in Bersuchung führe; auch die Bittwe moge wohl zu ben bofen Geistern gerechnet werben. Dem Ritter Bubibras leuchtet bas Raifonnement feines Stallfnechts ein; er meint auch, wer einen Gib auferlegt, ber teinen Rugen fchafft, fei ichlimmer als wer ihn bricht; auch er ift ber Anficht, bag bas Gemiffen wie jeder andere Richter jumeilen Ferien babe. Rur über einen Buntt tommt er nicht hinaus: er fürchtet feine Ritterehre mochte barunter leiben. Er fragt Ralf, ob er nicht einen anbern an feiner Stelle ftaupen laffen tonne? Der Stallfnecht bejaht bies, es laffe fich beweisen, daß ein Sunder des Frommen Plat im Leiben vertreten tonne, und nichts wirte fo fumpathifc wie bas Staupen. Run muthet Dubibras feinem Rnappen ju, er moge fich von ihm felbst auspeitschen laffen; biefer beweift, bag bei folden Bringipienfragen Riemand fich felbft im Muge habe; bat boch nicht einmal bei ber Gelbftvetleugnungsatte ber Antragfteller an fich gebacht! Auch ber Beweggrund : Ralf murbe, wenn er feinem Berrn burch einige Beitschenhiebe ju einer reichen Beirath verhelfe, ber großen Gade bienen, indem Oudibras bas Bermogen jum Rugen ber Rirche verwenden murbe, macht auf biefen keinen Eindrud. Beibe gerathen in heftigen Bortftreit, wobei ber Independent bem Bresbyterianer höhnend vorhalt, daß seine Glaubensverwandten die Synodrabbinen mit langen Barten und weisen Dienen gebraucht und dann im Stich gelaffen batten. Schon wollen fie einander thatlich angreifen, als ein großer garm und Boltsaufzug mit Pfeifen und Dudelfaden ihre Aufmerkfamteit auf andere Dinge lenft. Biederum ift es ein alter Boltsbrauch, der ben Eifer der Buritaner reigt: Eine wunderliche Cavalcade, wobei eine Amazone einen überwunoenen Rrieger, der im Unterrod mit Spindel und Roden verseben binter ihr reitet, mit Schlagen

jur Arbeit antreibt, eine Barobie ber Beiberherricaft über die Manner. Auch biefem beibnifchen Gebrauch will hubibras ein Ende machen; aber bon bem Boltshaufen mit faulen Giern angefallen, gieht er fich mit Ralf bor ben "giftigen Gefchoffen" gurud. - Run mochte gern hudibras wiffen, ob ihm trog seines Bortbruchs das Glück günstig sei und er die Bittwe mit ihrem Landgut erwerben werde. Er wendet fich daher an einen Aftrologen und Schwarzfünstler, der aus den Sternen die kommenden Dinge voraussagt. Dieser gehört zu der Sette der Rosenfreuger, bie ben naben Untergang ber Welt und bas Jungfte Gericht berechnen und verfunden. Sie unterhalten fich fo eifrig über die Runft der Aftrologie, daß fie gulet in Streit gerathen und Oubibras ben Rofentreuger nieberfchlagt und ausplundert. Run fürchtet ber Ritter, von dem "Fürften ber ginfterniß auf Erden", bem Bolizeihauptmann gefast zu werben, und entflieht, feinen Anappen als Burgen gurudlaffend und fich babei an ber Ausficht erfreuenb, daß der independentische Diener, der fo oft auf Synoben, Covenant und Behnten geschmäht und fich nicht fur ihn habe flaupen laffen wollen, nun durch die Gerichte feinen Lohn erhalten werbe. Er beschließt, fich nun zu ber Bittwe zu begeben, ihr feinen neuen Sieg zu vertunden und ihr vorzulugen, daß er fich ber auferlegten Liebesprobe ber Beigelung unterzogen. Dann muffe fie ihm band und Gut reichen. Aber Ralf, ber gleichfalls auf ben Gebanten getommen mar, fic durch die Flucht seinem herrn und dem Gericht zu entziehen, war bereits bei der Bittwe angelangt und hatte ihr von Allem Runde gegeben, jugleich felbft als Freier auftretend. Das lange Bwiegesprach zwischen dem prablerischen wortbruchigen hubibras und der weltklugen Bittwe über Freien, Beirathen und Cheftand endigt mit einem tumultuarischen Ueberfall. Der feige Ritter, in der Meinung, der Zauberer fei mit bofen Geistern und Furien eingebrochen, um ihn ju guchtigen, ergreift in ber Todesangft die Flucht, wird aber in der Dunkelbeit erwischt und mit Stoßen und Brugeln fo in Schreden gefest, bag er ein volles Sundenbetenntniß feiner Partei ablegt : er und feine Genoffen feien Egoiften, Deuchler, Pfrunden- und Stellenjager ; bas Berderbniß ber Beit ruhre bon ber Lehre ber, daß Beilige, die im Gnabenftand maren, fich um Lugend, Sittlichteit und Gewiffen nicht zu fummern brauchten. - Im vorletten Gefang unterbricht der Dichter ben Gang ber Erzählung, um eine Episode über die Setten und ihre Führer einzuschalten. Rach Art einer Genealogie stellt er bar, wie aus ber Che bes Covenants und ber "guten alten Sache" allmählich ein Schwarm von "Biedergebornen" hervorgegangen wie Insetten aus dem Mas. Gleich hunden, die um ein Bein fich herumbeißen, hatte jede Bartei das Rirchenund Rrongut als eine Gabe der Borfebung an fich geriffen und bei ben Streitigkeiten über ben Raub ben Schut ber Gesete angerufen, Die fie boch vorber geschändet, behauptend bie andern feien aus ber Gnade gefallen und hatten das Recht der Beiligen auf die Guter der Erbe verwirkt. Bie beim Babylonischen Churmbau hätten fie fich mit Zungendreschen wider einander versucht, bis Befes und Recht ju Boben gelegen, Rirche und Staat ju Grunde gegangen. Den Roniglichen, deren Creue nie mankend geworden, die weber Retten noch Berbannung, weber Aechtung nod Confiscation vom Rechte abzuwenden vermocht, fei endlich ber Sieg gelungen, nachdem Cromwell im Sturmwind dahingefahren, und bas Regiment ber Beiligen, wie einft die Munfterfche Somarmerei in eine allgemeine Confufion, in einen Begenfabbat gerathen. In einer Reibe von Reden, worin die "Quadfalber des Staats" angeben, durch welche Mittel fie fich ber Berrichaft bemachtigt und auf welche Beise fie fich in berfelben zu behaupten gebachten, wird das gange egoiftifde, heuchlerifde, unfittliche Treiben ber Presbyterianer und Independenten, ber Schmarmer und ganatiter vorgeführt, unter ber form ironischer Selbstverherrlichung und Selbstbetenntniffe, ein carifirtes Lafterbild bon ihren unheiligen 3weden und Thaten bei außerer Scheinheiligkeit entworfen. Schonungslos wird in diefen Reden voll perfonlicher Satire die Daste von den Beiligen-Angefichtern herabgeriffen und die hählichen Buge der Miggeftalt, verzerrt durch ropaliftifde Galle, in ber gangen Bloge bargeftellt. Das Gegant wird durch Larm in ber Ferne unterbrochen. Ein College fturgt in die Berfammlung und ergahlt gang außer Athem, daß ber Bobel bei Temple-Bar die Mitglieder des Rumpfparlaments im Bilde als hintertheile von

## 284 C. Die pprenaische und die apenninische Salbinfel.

fterteln und Caufen verbrenne. Giner ber Unwefenben berfucht es, ben allegorifchen Sim biefes hierogluphifchen Spiels, das Papiften und Sefuiten ins Bert gefest hatten, an beuten als der tumultuirende Boltshaufen eindringt und die Berfammelten au wilder verwirrter Fluch treibt. 3m neunten Gefang beweift Ralf feinem feheltenben und polternben Geren, bas es vor theilhaft und recht fei, vor bem Beind die Blucht ju ergreifen und bann boch mit feinen Sieger au pochen, und gibt ibm ben Rath, feine Dame, beren Biebe er umfonft burch feine Belbenthater ju gewinnen gesucht, vor Gericht zu vertlagen. Die Juriften wie die Schweizer bieneten Sebem ber fie bezahle. Dem Ritter leuchtet ber Rath ein, benn Tapferleit und Gelbenthat bestebe jet in Kriegelift und Berrath. Er wendet fich an einen alten "Rabuliften und Friedensrichter", Der unter jedem Regiment bas Recht nach feinem Bortheil gehandhabt. Der feine Biebermant ermuntert ihn in bem Borhaben: durch Meineid, falfche Beugen, Schriftverfälfchung fei et leicht die Dame ju zwingen, ihm Dand und Gutden ju geben ober fie an den Galgen ju bringen. hudibras will jedoch juerft noch einen Berfuch machen, ihr Berg burch Liebesbriefe zu erweichen. Mit den beiden Schreiben, dem Liebes- und Freiersbrief des Ritters und dem Absagebrief der Dame, ben gelungenften Bartien des Bedichts, folieft das tomifch-fatirifche Cpos "Oudibras" bem man, wie einft Goethe bem erften Theil bet Fauft, batte beifugen tonnen : 3ft fortaufegen.

# C. Die pyrenaifche und die apenninische Salbinfel.

Befdichts-Literatur. Die in Bb. XI, p. 82 f. enthaltenen bibliographifden Angaben umfaffen auch jum Theil die folgende Beriode. Beizufügen find noch; Zanetornato (Benet. Gesandter bei Phil. IV) Relatione succinta de Governo della Corte di Spagna 1672. -Assarino delle revolutioni di Catalogna. Genov. 1644. - Mignet, négotiations et mémoires militaires relatifs à la succession d'Espagne (in collection des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 de Fr.) Par. 1835 ff. — M. Ch. Weiss, L'Espagne depuis le règne de Philippe II. jusqu'à l'avénement des Bourbons. Bruxelles 1845. 2 voll. 8. und bas foon angeführte beutide Bud bon Da vemann über benfelben Beitraum. - G. Hippeau, Avénement des Bourbons au trône d'Espagne, corresp. inéd. du marquis d'Harcourt cet. Paris 1875. 2 voll. - Auch tonnte Ginficht genommen werden von einer historischen Arbeit über die lette Beit der Dabeburger Berrschaft in Spanien, die demunchst im Drud erscheinen wird, nämlich von ber Borgeschichte bes fpan. Erbfolgetriegs durch Dr. Gaebete an ber Beibelb. Universität. - Ueber Bortugal, außer bem IX, 411 angeführten Bert v. Q. Shafer: J. B. Birago, Istoria della disunione de Reyno di Portogallo e della Corona di Castiglia Lugd. 1644 und Amst. 1647. — L. de Menezes, historia de Portugal restaurado Lisb. 1751-59. 4. Voll. 4. - Passarelli, bellum Lusitanum Lugd. 1684. fol. — hist. du détrônement d'Alphonse VI. roi de Port. contenue dans les lettres de Rob. Southwell etc. Par. 1742. — Relation de la Cour de Port. sous D. Pedro II. cet. Amst. 1702. und die Monographie von René Auber de Vertot, 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 de Portugal. Par. 1806. — Bu ber Mugabe Bb. VIII, 318 f. über die Geschichte von Stalien, wovon hauptsächlich die Annalen von Muratori und bas Bert von Giannone auch für bie gegenwärtige Beriobe in Betracht tommen, ift noch beigufügen: über die Revolution in Reapel: Die Schriften von Liponari (Relatione delle rivolutioni popolari in Napoli. (Pad. 1648.), von Giraffi (1648) von Agost. Nicolai (Amst. 1660.) — Gir. Brussoni, della historia d'Italia libri 46. Tor.

1680. 4. — E. v. Reumont, Gesch. Loscanas seit dem Ende des Florent. Freistaats. 1. Bb.: die Medici von 1530—1737. Gotha 1876. — Neber das Osmanische Reich: die Bd. VIII, p. 620 aufgeführten Pauptwerte von Pammer und Zinkeisen; und zum Krieg von Candia das 33. Buch in der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Venise par P. Daru (VIII, 319).

## I. Spanien und Portugal im fiebenzehnten Jahrhundert.

I. Das spanische Reich unter König Philipp IV.

Bir haben bie Buftande Spaniens unter König Philipp III. im vorigen Buftanbe Bande tennen gelernt (XI, 246 ff.): Bon bem glangenden Reiche, in welchem unter Bbis die Sonne nie unterging, waren nur die morfchen Formen geblieben, ber Lebens- Diivarez. quell war vertrodnet. Gin in Armuth, Schmus und Tragbeit versuntenes Bolt, bas Sandel, Induftrie und Berfehr Fremblingen überläßt und feine geiftige Bildung dem ftets gunehmenden Briefter- und Monchstand anheimgibt; ein fanatischer Rierus, der an der verfolgungssüchtigen Inquisition und den erbarmungelofen Regergerichten festbalt, und foeben die Bertreibung der Moriftos erwirft hat; ein hochmuthiger Abel und ein unter bem Banne einer ftarren und steifen Stifette fich mubiam fortbewegender Sof, das find die Erscheinungen, Die uns bei dem Tode des britten Philipp entgegentreten und die mit nenen Uebeln bermehrt unter feinem Sohn und Rachfolger gleichen Ramens unverandert fortbestehen. Es ift bereits erwähnt worden, daß ber Thronwechsel zugleich einen andern Gunftling an die Spige bes öffentlichen Lebens brachte: wie Richelien unter Ludwig XIII., wie Budingham unter ben beiben Stuartichen Ronigen ber außern und inneren Regierung ihre Richtung gaben, so lag in Spanien unter dem genuffüchtigen arbeitscheuen Philipp IV. Alles in der Sand des Grafen von Dlivareg. Don Gasparo de Guzman, ber Sproffe einer alten aber herabgefommenen Abelsfamilie, mar am 6. Jan. 1587 in Rom geboren, wo feln Bater als spanifcher Gefandter bei bem papftlichen Stuble fich aufhielt. Mit Renntniffen wohl ausgerüftet und im Bertebr mit ber vornehmen Belt in ben gefellichaftlichen Umgangeformen ber Beit berangebilbet, gewann fich ber ehrgeizige Ebelmann bie Gunft des jungen Monarchen, der bei feiner Thronbesteigung erft fechzehn Jahre jablte, in folden Grade, daß er jum Bergog bon San-Lucar und gum Borfibenden bes Ministerraths emporftieg und zweiundzwanzig Jahre lang Konig und Reich unumfchrantt beherrschte. Der junge Fürft, beffen Reigung für Lieb. icaften und finnliche Genuffe, für glanzendes Sofleben, für Theater und Unterhaltungefunfte ber gewandte Boffing au befriedigen verftand, überließ bemfelben gerne die Laft ber Staatsgeschäfte, um befto ungeftorter fich ben gefellichaftlichen Freuden und Genuffen und seiner Leibenschaft für Pracht und Hofceremoniel hingeben zu können. Olivares befaß nicht die Leichtfertigkeit, Sitelkeit und Frivolitat Budinghams, beffen ganges Thun und Streben nur von felbftfuchtigen, emistischen Motiven geleitet war, aber auch nicht die Geistestraft und Energie

Richelieu's, ber feinen Ronig fast wider beffen Billen zu absoluter Racht emporhob; wir wiffen, daß der Graf-Bergog von der guten Abficht burchbrungen war, Die Migbrauche und Schaben, die durch Lerma und feine Creaturen in das Staats- und Sofleben eingebrungen, burch zwedinäßige Reformen und burch Entfernung ungetreuer und gewiffenlofer Beaurten und Rathgeber zu befeitigen; allein zur grundlichen Beilung ber tiefwurzelnden Uebel gebrach es ihm an hoherem politischen Berftand, an Billensfraft und Charafterftarte und bor Allem an Ausdauer und folgerichtigem Sandeln. Gin harter, herrschfüchtiger, eigenwilliger Mann, regellos in feinem gangen Befen und von eitler Berblendung befangen, bat Olivarez bei all feiner Thatigkeit und Arbeitekraft bas fpanische Reich auf ber abschüffigen Bahn bes Berfalls weitergeführt. Anftatt bag er bedacht gewesen mare, die an fo vielen Bunden leidende spanische Ration und Monarchie burch wirthichaftliche und abministrative Reformen aus dem Bustande der Schwäche, bes Sintens und Berfalles emporgubeben, ftellte er bei feiner auswärtigen Politif die Interessen der habsburgischen Opnastie, bei seiner inneren die Erhaltung und Befestigung bes monarchischen Unsehens und Glanzes bes Madrider Sofes in Die erfte Linie. Bir haben in den früheren Blättern gefehen, welche Anftrengungen bem fpanischen Bolte zugemuthet wurden, um burch Betheiligung an bem brei-Bigjährigen Rriege, durch die Feldzüge in Italien und in den Riederlanden, die Praponderang und Machtstellung bes Sabsburger Berricherhauses beiber Linien ju begrunden oder zu bewahren. Bie in den Tagen Philipps II. follte die europaifche Belt fich eine fpanisch-öfterreichische Begemonie gefallen laffen, fich por den tatholischen Majeftaten in Madrid und Bien beugen. 3mede willen, um bem monarchischen Berricherbau ben außeren Schein zu erbalten, um die Belt glauben ju machen, ber Flitter und bas Schaumgolb, womit der fpanifch-habsburgische Thron überbedt mar, fei echtes, folides Metall, wurden Berwaltungsfünfte und Experimente in Anwendung gebracht, welche die letten Lebensfrafte des Staats aufzehren und verbrauchen mußten. Bir haben früher erfahren, wie febr bas blutfaugende Spftem brudender Abgaben und Besteuerung den Boblstand, die Arbeitetraft, die Erwerbluft der fpanifchen Bolfer fnidte und lahmte; nun wurden, um die Rosten ber endlosen Rriege wiber bie atatholische Belt zu bestreiten, die meistens ftatt Lorbern oder fruchtbarer Ernten nur verdorrte Rrange ober burftige Stoppeln einbrachten, um den taufchenden Schimmer und die Schein-Autoritat einer monarchischen Großmacht zu retten, für die Prachtliebe und Berschwendung des Hofes, für die Ballette, Schaufpiele und Festlichkeiten die nothigen Geldmittel ju fchaffen, neue Bolle und Auflagen eingeführt und Monopole erfunden, welche Sandel und Industrie noch mehr belafteten und gefährbeten, murben Unleihen zu übermäßigen Bine, verpflichtungen abgeschloffen, wurden Kronguter veräußert, bobe Memter an folche vergeben, die dafür reiche Geschenke boten, wurden die Colonien ausgebeutet und bas Recht ber Pfrundenverleihung und ber Bergebung geiftlicher Burben von

ber Arene in einer Beife in Anspruch genommen und ausgenbt, daß bon Seiten bes papftlichen Stubles Einsprache erhoben ward. Aber alle diese Mittel waren unzureichend für die Bedürfniffe der Gegenwart und ichablich für die Butunft. Es ift uns bekannt, wie wenig die Rriege wider Frankreich, wider die Riederlander und England ber spanischen Ration Gewinn eintrugen, wie wenig die fleinen politischen Runfte, die Intriquen und Berführungsmittel in den bürgerlichen Parteifriegen Frankreichs der Madrider Regierung Bortheil brachten; und doch glaubte Dlivarez, daß der Sabeburgische Rame, daß die Ehre und die Rangstellung bes Madrider Sofes, das dynaftische Gesammtintereffe des Berricherhauses folde Opfer rechtfertigten. Und wie erfolglos maren diefe Opfer! Fast überall maren die spanischen Baffen im Rachtheil; in Italien, am Riederrhein, in den nördlichen und fühlichen Grenzgebieten überwand die Politik Richelieu's die feines spanischen Die Friedensschluffe brachten meistens Berlufte und waren nur Stillftandsvertrage; zu einer aufrichtigen Bacification vermochte fich Olivarez fo wenig aufzuschwingen als zu eingreifenden Reformen, welche den bereinbrechenden Ruin des Staatswefens aufgehalten batten. "Alles ift fo versunken", ruft ein Beitgenoffe aus, "bag nur die Bulfe Gottes uns erretten tann."

Die Früchte dieser unheilvollen Staatstunft sollte Graf Olivarez selbst noch Absoluin reichlicher Fulle einthun, ebe er bom Schauplat feiner politischen Thatigkeit bengen. abirat. Bir wiffen, daß die Proving Caftilien als das Saupt- und Kernland ber spanischen Monarchie galt, auf welchem die Laften des Staates vorzugsweise ruhten. Caftilier bienten in den Beeren und fochten die Rriege aus; Die caftilischen Cortes mußten die Steuern und Finangmaßregeln bewilligen, durch welche ber Aufwand für die Staats- und Hofhaltung bestritten ward. Die übrigen Rouigreiche und Landschaften, die im Laufe der Jahre mit dem Stammlande der Mitte zu einem Gefannmtreiche vereinigt worden waren, erfreuten fich einer beffern Lage in Folge eigener Gefete und Privilegien, die ihnen durch Staatsvertrage gewährleiftet waren und trop mancher Eingriffe von Seiten früherer Gewaltherrscher in ihren Fundamentalrechten noch fortbestanden. Selbst in Aragonien wurde die alte freie Berfaffung und Autonomie nur in einigen Buntten durch Bhilipp II. berändert und geschwächt (XI, 93); Ravarra und Catalonien hatten ihre alten Landrechte, ihre Berfassung und politische Sonderstellung aus ben Tagen ber Bater bewahrt; und wie tiefe Schläge auch Ackerbau und Biehzucht, Industrie und Sandel gerade in dem-öftlichen Theile der Halbinfel, in Catalonien und Balencia durch die Bertreibung der Moristos erlitten hatten (XI, 252 ff.), immer noch konnten die Einwohner von Barcelona für die wohlhabenoften und fleißigsten Unterthanen des Königs gelten und die aus Abel, Geistlichkeit und Bürgerschaft zusammengesetzte Ständeversammlung Cataloniens wachte eifersüchtig über Recht und Herkommen des Landes, über Geldbewilligung und Onadenladen, über Gerechtigkeitspflege und Gerichtswesen. Gin ftandiger Ausschuß von Abgeordneten batte dafür zu forgen, daß auch in der Beit, da die Cortes

micht versammelt waren, ber Regierungsrath in Barcelona fich in ben burch Berfaffung und Bertommen gefetten Schranten bielt. Diefe Sonderstellung ber öklichen und nörblichen Landschaften, auf welche bie Caftilier icon lange mit Reib geblickt hatten, follte nun beseitigt werben. Es lag im Geifte ber Beit, daß mit allen Brivilegien und Ausnahmsgesehen zu Gunften monarchischer Ginheit und Machtfülle aufgeräumt wurde. Bas Ronig Rarl I. und Lord Strafford in England versuchten, was Cardinal Richelieu in Frantreich mit fo glangendem Erfolge burchführte, follte bas nicht ber fpanifche Staatsmann, ber allmach. tige Minifter bes größten europaifchen Reiches, in bem Borenaenlande burch: fegen tonnen ? Der Rothftand des Staates, die Unmöglichfeit dem Ronigreich Caftilien noch weitere Laften aufzuburden, die der absoluten Königsgewalt gufteuernde Beitrichtung, bas Beispiel anderer Lander, dies alles mußte ben Gebunten, alle Theile bes Reichs ben gleichen Gefegen und Pflichten ju unterwerfen, bem monarchifden Absolutismus durch eine allgemeine Uniformität fein volles Beprage zu geben, rechtfertigen und begunftigen. Richelien's Lorbceren raub. ten seinem spantichen Rivalen ben Schlaf: Olivarez überfag die Ungleich, beit ber Lage. Bahrend ber frangofische Staatsmann feine Angriffe negen aufrubterifche Bringen, gegen unbotmäßige Chelleute, gegen eine politifche Religions. partei richtete; wollte ber spanische Minister bie urkundlichen und verbrieften Rechte einiger Lanbichaften, Die ben Breden und ber Ibee eines absoluten monarchischen Staats nicht entsprachen, aus bem Bege raumen, Bermaltung, Behrpflicht, Besteuerung mit dem castilischen Staatborganismus in Uebereinstimmung feten. Auf Anregung bes Grafen, ber von Natur barich und zu Gewaltthatigkeiten hinneigend ben Cataloniern noch aus perfonlichen Grunden ichon feit Sahren 1608. grollte, legte ber Ronig ohne bie Ginwilligung ber Stande einzuholen, eine neue Abgabe auf alle eingehenden Baaren und gebot, baß 6000 Catalonier für die Armee ausgehoben und nach Italien geschickt wurden. Bergebens sandten Die Stande eine Deputation nach Madrid, um in Erinnerung zu bringen, baß fie nur gu Rriegebienften innerhalb ihrer Beimath verpflichtet feien und nur gu Steuern, die fie felbft fich auferlegten, und um nachbruckiche Borftellungen gegen bie Eingriffe in ihre Fueros ju machen: ber Ronig, bem feine geiftlichen Gewiffensrathe die beruhigende Berficherung gaben, daß er fraft feines gottlichen Rechtes zu den Anordnungen befugt fei, wies ihre Beschwerden als unbegrundet gurud. "Ber fich", fchrieb Olivares an ben Bicetonig in Barcelona, "burch Berufung auf die Privilegien des Landes den allgemeinen Laften zu entziehen wagt, muß als Berrather gegen Gott, gegen Ronig und Baterland gezüchtigt werben". Auf feinen Befehl wurden die Abgeordneten gefangen gehalten.

Olivarez Um diefelbe Zeit waren die Franzosen in Rouffillon eingeruckt und hatten fonien. sich der kleinen Festung Salses bemächtigt. Einem castilischen Heere gelang es jedoch, ben Feind zuruckzuschlagen und die verlornen Positionen wieder zu erobern. Es war aber vorauszusehen, daß Richelieu bald einen neuen Angriff unternehmen

wurde. Olivareg beschloß baber, ba bie einheimische Milig nicht ftart genug für einen erfolgreichen Biderftand ichien, caftilianische und andere spanische und fremde Truppen in die Proving ju fenden, welche über die Städte und Dorfer vertheilt von den Einwohnern unterhalten und verpflegt werben follten. Die Bertheidigung bes Landes biente nur jum Borwand, ber eigentliche 3wed ber Regierung war, den ftarren unbotmäßigen Geist der Bevölkerung zu bandigen und mit Gulfe der Baffenmannschaften die Anordnungen durchzusegen. Barum hätte man sonst die eingebornen Soldaten nach Italien senden wollen und fremdes Ariegsvolk eingelagert? Die Absicht des Grafen blieb kein Geheimniß; die einquartierten Truppen erlaubten fich daher Gewaltthätigkeiten aller Art gegen Bürger und Landvolt; fie wußten, daß die Rlagen und Beschwerden bei dem Bicetonig Santa Coloma und bei den Regierungsbehörden fein Gebor finden wurden. Und so war es auch. Als die vom Lande aufgestellten Amtleute und der ftanbifde Ausschuß Brotest erhoben gegen die Berletzung der Rechte und in icharfen Borten die Dishandlungen und Gewaltthätigkeiten der Truppen rugten, ließ Santa Coloma die Saupter der Unzufriedenen, darunter den Canonicus Paul Claris von Urgel, den Landtagsabgeordneten Franz Tamarit und den Rathsherrn Franz Bargas in Saft bringen.

Eine dumpfe Gabrung bemachtigte fich der Gemuther. Als im Fruhjahr nufftanbe nach berkömmlicher Sitte viele Bauern aus dem Gebirge in die Rabe der Sauptstadt kamen, um sich bei den in der Umgegend wohnenden großen Gutsbefigern zu Feldarbeiten zu verdingen, entstanden Raufhandel mit der Besatzungsmannschaft von Barcelona, welche durch die Cinmischung von Stadtbürgern gesteigert Bulett in einen Aufruhr übergingen. Die Gefängniffe murben erbrochen, Die 12. Mai Berhafteten in Freiheit gefest. Ginige Bochen nachher, als bei Gelegenheit bes 7. Juni. Fronleichnamsfestes eine zahllose Menge Bolks aus den Dörfern nach der Stadt strömte, wiederholten fich die Auftritte in größerem Umfang. Geschrei: "Es lebe der König und Catalonien, Tod der schlechten Regierung!" durchzogen Saufen rauber und abgehärteter Gebirgsbewohner die Strafen von Barcelona, ermordeten mehrere caftilische Offiziere und Beamten und begingen arge Frevelthaten. Beder die Borstellungen der Stadträthe und Landtagsab. geordneten, noch die Ermahnungen der Franciscaner, die mit Monstranz und Areuzbild herbeikamen, vermochten den Buthenden Sinhalt zu thun; fie'plunderten das Beughaus und die Wohnungen einiger Beamten und bedrohten den Balaft des Bicefonigs. Santa Coloma fürchtete für sein Leben; mit Sulfe eines treuen Dieners erreichte er eine Barke, auf der er fich zu retten gedachte; aber von den erbitterten Burgern eingeholt, wurde er ermorbet und fein Leichnam geschändet. Auch die nachsten Tage vergingen unter Grauel und Berwüftung; nur mit Mühe fonnte die rasende Landbevölkerung zum Abzug gebracht werden.

Bar Olivarez schon vorher den Cataloniern feindselig gefinnt, wie mußten Batriotische ihn erft diefe Borgange in Sarnifch bringen! An Rachgiebigkeit und Bugeftand. Barcelona. Beber, Beltgefdichte. XII.

19

niffe war nun nicht mehr zu benten; die Proving niußte entweder Buge thun und fich unter bie strafende Sand bes gurnenden Gewaltherrichers beugen, ober fie mußte bas Schwert ber Selbstwertheidigung ergreifen, fogar auf die Gefahr Die Catalonier entschlossen fich zum bin, von Caftilien getrennt zu werben. Letteren. In Barcelona murbe ein Sandesausschuß gewählt und bemfelben bie bochfte Regierungsgewalt in die Sand gegeben; laut wurde erklart, bag man die alten Grundrechte schirmen wolle und sei es mit ben Baffen. Dem Beifpiele ber hauptstadt folgten alle Landschaften und Städte mit Ausnahme von Tortofa und einigen festen Orten, wo caftilianische Befatung lag. Bon den Pyrenaen bis zur Mündung bes Ebro fab man bie altcatalonischen Sanbesfarben prangen; man traumte von republitanischer Unabhängigkeit.

Anfolus an Frantreid

Bie tief auch immer ber Bag gegen die castilische Zwingherrschaft und ben 1640—42. Despotismus des Grafen Olivarez in den Berzen der Catalonier wurzeln mochte; fo hatten fich die Rubrer ber nationalen Bartei boch nicht zu einer Auflehnung gegen bie Madriber Regierung, ju einer Emporung gegen bie Dajeftat bet Rönigs fortreißen laffen, waren fie nicht von Frankreich aufgereizt und burch die Bufage von Sulfe angetrieben worben. Denn wie erbarmungelve immer Richelien jeden Ungehorsam, jeden Aufstand im eigenen Lande niederwarf, so trug er doch tein Bebenten, in andern Staaten Empörungen zu begunftigen, sobald biefe feinen politischen Planen nüglich und förderlich waren. Schon vor einiger Beit hatten bie Baupter ber Ungufriedenen mit bem Bergog von Epernon, bem frangofischen Befehlshaber in Leucate, Unterhandlungen angeknüpft, von benen ber frangofische Ministerprafibent genau unterrichtet warb. Als nun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eine Armee unter dem sum Unterfonig ernannten Marchefe be los Belos abschickte. um die Insurgenten gur Unterwerfung ju zwingen, schloffen biefe mit Frankreich

16. Decbr. ein Bundnig, in Folge beffen Richelieu ben General Epernon mit einigen taufend Mann nach Barcelona fandte und jugleich die Rufte durch ein Gefchwaber bewachen ließ, die Catalonier dagegen ben König Ludwig XIII. als Oberherrn ihres Landes unter dem alten Titel eines "Grafen von Barcelona" anerkannten, jeboch mit Sicherftellung aller Rechte und Freiheiten, die fie von ihren Batern überkommen. Epernon, ber fich mit feiner geringen Truppenzahl bis nach Tortoja vorwagte, konnte fich zwar nicht gegen die spanische Uebermacht behanpten und tehrte nach Frankreich zurud; allein die catalonische Miliz, durch franzöfische Offiziere in militarische Bucht und lebung genommen, und die ftabtifche Burgerwehr leisteten so tapfern und entschloffenen Biberstand, bag ber General-Capitain de los Belos, nach mehreren vergeblichen Angriffen auf die feste Sauptstadt, fich 1641, über ben Ebro gurudgieben mußte. Run war gang Catalonien befreit, felbit bie Städte, die bisher an der eaftilischen Berrichaft festgehalten, schloffen fich ber

Besammtheit an. Das Beispiel ber Bortugiefen, Die gleichzeitig ibie Gabne ber Unabhängigkeit aufpflanzten und von Frankreich unterftutt einen erfolgreichen Rampf gegen Spanien führten, wirtte auf die Catalonier gurud. Ronig Bubwig XIII. und sein Minister zogen felbst nach Roussellon, um den Aufstand zu sördern. Während unter des Königs Augen die Küstenstädte Collioure und Berpignan erobert wurden und die ganze Landschaft an den Phrenäen in die Gewalt 1642. der Franzosen siel; führte der Marschall Breze eine Besahungsmannschaft nach Barcelona, um den tapfern Baron de la Mothe-Houdancourt, den Ludwig XIII. draft des mit den Insurgenten erneuten Bertrags zum Bicckönig von Catalonien ernannt hatte, in seinen Kriegsunternehmungen zu unterstüßen. Rach dem Siege Houdancourts über die Spanier dei Lerida, trug sich Richelieu mit der stolzen Hossung, das alles Land dis zum Ebro unter die Herrschaft Frankreichs gelangen möchte. Wie mußte es ihn erzürnen, das gerade damals der Madrider Hos au Cinquars und seinen Genossen Verdündete in Frankreich selbst, in der Umgebung des Königs sand, die diesen Plänen entgegenwirkten!

Richelieu und Ludwig XIII. gingen bald nachher aus der Belt; die Regentin Schwierige Anna, eine fpanifche Infantin und ihr Minifter Magarin tonnten, burch nabere Unliegen befdaftigt, der fpanifchen Insurrection nicht den Beiftand leiften, der gur Behauptung der Proving nöthig gewesen mare. Bugleich gelang es den Intriguen einer Camarilla am Madrider Sof, an deren Spige die Ronigin Ifabella, eine Tochter Beinrichs IV. von Frantreich ftand, den Sturg des übermuthigen Gunftlinge Olivares ju 3an. 1648. erwirten. An feiner Stelle übernahm fein Reffe, Don Quis be Baro die Leitung ber Staatsgefdafte, ein Mann bon milberem Charafter, weniger hochfahrend und anmagend, aber auch weniger energisch und unternehmend als ber Obeim. Alle diese Umftande wirten gufammen, das die Dinge in Catalonien eine für Cafilien gunftigere Wendung nahmen als in Portugal. König Philipp IV. selbst, aus seiner phlegmatischen Rube aufgewedt, jog an der Spipe eines Beeres wider die Insurgenten und ihre frangofischen Schublinge ins Feld. Er brachte Leriba und Balaquer wieder in feine Gewalt und Juli 1643. gwang die Franzosen, die Belagerung von Tarragona aufzuheben, während sein Feldherr Philipp de Silva bem Marfchall be la Mothe-Houdancourt eine Riederlage beibrachte. Magarin faste barüber folden Unwillen, bas er ben gefchlagenen Felbherrn mit mehrjahriger Gefangenschaft bestrafte. Unter bem Rachfolger in bem vicetoniglichen Umte, dem Grafen von Sarcourt, errangen die Frangofen wieder einige Bortheile in Catalonien. Rofas, die feste Safenstadt an der Oftfufte wurde nach zweimonatlicher Belagerung von dem General Du Plessis erobert, und der Bicekonig selbst brachte nach 31. Mai einer flegreichen Belbichlacht über bie Caftilianer bie Stadt Balaquer wieder in frangofichen Befis. Aber bei ber Geringfügigteit der militarifchen Rrafte, welche Magarin in 23. Juni. ber tiefbewegten Beit vor Beendigung des breißigjahrigen Arieges über bie Pyrenden entjenden tonnte, waren diefe Erfolge ohne nachhaltige Wirtung; die kleinen Baffengange, Gefechte und Belagerungen führten gu teiner Entideibung; bas Land wurde bon Rriegsleiben fcmer beimgefucht; alle Beicafte ftodten, ber Feldbau lag barnieber, Roth und Berarmung lagerte fich über Stadte und Dorfer. Bas war natürlicher als Caftilianifche daß der Bunfa nach friedlichen geordneten Buftanden fich immer lebhafter regte, daß Barcelona. die castiliantishe Partei die Biebervereinigung der Proving mit dem fpanifchen Mutter- 1846. lande ju bemirten fuchte? Im 3. 1646 bildete fich in Barcelona eine Berfchmorung, beren gaben die reiche, vornehme und intrigante Baronin von Albi in Sanden batte : die Absicht mar, im Ginverftandniß mit dem Befehlshaber von Tarragona die Sauptstadt durch Berrath den Spaniern auszuliefern, die Franzosen aus der Provinz zu entfernen und die castilische herrschaft wieder herzustellen. Das Complot wurde jedoch

entbedt, die Theilnehmer theils hingerichtet theils als Gesangene nach Frankreich abs
Fortbauer geführt. So dauerte die französische Occupation und der wechselvolle Aleinkrieg fort.
Derempation Harcourt, obwohl ein tüchtiger Feldherr, wurde durch den spanischen General Leganez
1616—48. gezwungen, die Monate lang mit großer Anstrengung betriebene Belagerung von Lerida
1847. aufzugeben. Bergebens hosste Mazarin, der "große Conde", der im solgenden Jahr
an Harcourts Stelle den Oberbesehl übernahm, wurde auch in Catalonien, wie früher
in den Riederlanden das Uebergewicht der französischen Bassen herstellen; er mußte wie
Juni. sein Borgänger die schon zur Zeit der Kömer berühmte Felsensestung nach unfäglichen
Anstrengungen in der Gewalt der Spanier lassen.

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 der im folgenden Jahr jum Abschluß tam, führte Ausgang. awischen ben beiden Reichen fudwarts und nordwarts der Pyrenaen feinen Ausgleich herbei: nach wie vor hielten die Franzosen Catalonien mit Barcelona besett und suchten es gegen die caftilischen Baffen zu behaupten. Aber der Krieg bot seitbem noch weniger Abwechselung und Interesse bar als im Anfang ber Infurrection. Der Rampf beschrantte fich auf Angriff und Abwehr von Seiten der span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Feldherren; das catalonische Bolt blieb ohne fernere Theilnahme und erwartete ben Ausgang mit thatlofer Resignation. Mazarins Hoffnung, das Ruftenland im Guden der Phrenaen bei Frankreich zu erhalten, schwand mehr und mehr dabin; wie konnte er mabrend der burgerlichen Unruhen im eigenen Lande, als die Saupter seiner Gegner mit dem Madrider Sof conspiratorische Umtriebe unterhielten und Conde felbst viele Jahre lang unter spanischer Fahne diente, fich ber Erwartung hingeben, daß fich das durch Ratur und Geschichte so fest geschlungene Band amischen ben spanischen Provinzen gerreißen laffe, daß eine zweihundertjährige Union durch fremde Militärgewalt gelöst werben konne? Benn ber Rriegezustand auch nach be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noch vier Sahre fortbauerte, fo geschah es nur, weil Mazarin die Occupation bes Landes für anderweitige politische 3wede zu verwerthen bedacht mar. Als aber ber jungere Don Juan d'Auftria, ber naturliche Sohn Philipps IV., an jugend. lichem Muth und ritterlichem Charafter bem altern Infanten Diefes Ramens nicht unahnlich, die Stadt Barcelona ju Baffer und ju Land mit einer engen Blotade bedrängte, fah fich der frangofische Commandant, Marschall La Mothe. nachdem er über ein Jahr alle Leiden und Beschwerden des Belagerungezustandes 12. Oft. muthig und standhaft ertragen, zu einer Capitulation genothigt, traft beren die Seeftadt ben Spaniern gegen Gewährung einer Amneftie fur Die Burger und freien Abzugs für die Befatung überlaffen ward. Run tonnten fich auch bie übrigen Festungen, wie Girona, Palamos, Pup de Quiers, Balaquer und einige kleinere Orte, wo noch frangofische Mannschaften lagen, nicht mehr langer - halten. Rach ihrer Uebergabe verließen die Franzosen das catalonische Land, bas bann wieder mit ber spanischen Krone vereinigt wurde, nachdem es breizehn Jahre lang unter ber Oberhoheit Frankreichs geftanden. Philipp IV. gab die

Uniformitatspolitit feines ebemaligen Minifter Olivarez auf und beftatigte ben

Cataloniern großmuthig die alten Rechte und Privilegien.

## 2. Vortugals Cosreifung von Spanien.

Bahrend im Often die Gefahr einer Berftudelung der fpanifchen Monarchie, Bortugal einer Trennung der historisch zusammengewachsenen Königreiche und Provinzen mater gludlich abgewendet warb, vollzog fich im Beften der Salbinfel ein abnlicher fration. Scheidungsproces in entgegengesetter Beife: bas Ronigreich Bortugal, bas im Biderspruch mit seiner geschichtlichen Entwidelung burch Philipp II. an bas größere Rachbarreich gekettet und zu einem Aufgeben feines felbständigen nationalen Lebens beftimmt mar, gerriß bie Bande, die ibm in schickfalschwerer Beit' burch Gewalt und List angelegt worden, und stellte seine alte nationale Unab. bangigteit wieder ber. Bir haben die Birtungen ber fpanischen Berrichaft in Bortugal bereits tennen gelernt (XI, 241 ff). Mit ber Freiheit und Selbständigkeit ging auch die Größe und das Glud der Nation verloren. Es ift uns befannt, wie erfolgreich die regfamen Niederlander in die fpanifch-portugiefische Colonialmelt einbrangen: in Oft- und Beftindien, in Japan und Brafilien brangten fie die alten Gebieter gurud, grundeten an allen gunftig gelegenen Orten Riederlaffungen und Factoreien und machten fich ju herren bes überfeeischen Belthandels (XI, 245, 679). Alle Unfälle, welche die fpanischen Boller und Staaten im fiebengehnten Jahrhunder' durch die Eprannei und Unfabigfeit der Sabeburgifchen Berricher ju erleiden hatten, fielen auch auf Bortugal jurud: an die Stelle der alten Unternehmungefraft und Ausdauer trat Schlaffheit und Entmuthigung; mit bem Berlufte der Colonien verfiegten die Quellen des Boblftandes; die Martte von Liffabon und Oporto ftanden leer, mahrend fich die Guter und Schape aller Belttheile in Amsterdam und Rotterdam ansammelten; der Abel, der einst zu Entbedungen und Eroberungen die Meere durchfahren, das Baterland mit irbifden Schagen, ben portugiefifden Ramen mit Ruhm und Ehre erfüllt hatte, verlag jest feine Beit in Unthatigkeit ober diente widerwillig ber fremden Berricaft; Sandel und Bertehr geriethen in Berfall durch bas Uebermaß ber Bolle und Abgaben, womit die Ein- und Ausfuhr ber Baaren und Produtte belegt wurde; bas Land verarmte unter ber Laft ber bireften und indireften Besteuerung, welche die spanische Kinangtunft mit erfinderischem Scharffinn ins Leben rief; Staats. und Gemeindeamter, Bischofftuble und Bfrunden tonnten nur um hohe Geldsummen an die königlichen Kassen erlangt werden; Abel und Geistlichkit wurden zu "freiwilligen" Subsidien angehalten; jede Gnade war feil, für jede nachlässige ober gewissenlose Amtsführung konnte man um Geld Berzeihung erhalten; webe bagegen einem überfeeischen Bogt ober Bermaltungsbeamten. welcher im Bertrauen auf fein gutes Bewußtsein ben goldenen Schluffel anguwenden vergaß! Gelbft die für "fromme Bwede" bestimmten Gelber waren por ben rauberischen Sanden der koniglichen Behorden nicht ficher. Daß die Beraußerung der Domanen und Regalien aus politischer Berechnung, aus Eifersucht

und Mißtrauen spstematisch betrieben ward, ist schon früher angedeutet worden (XI, 243). Der Mangel aller öffentlichen Einkunfte sollte die herstellung eines unabhängigen Thrones unmöglich machen und in den Käufern oder Besitzern gedachte man eine spanische Partei zu gewinnen; benn Sigennut und habsucht sind mächtige Triebsebern.

find machtige Triebfebern. Der Bergog Grollenden Bergens ertrugen die Portugiesen die Gewaltherrichaft des verganga haßten Rachbars, den Uebermuth der Beamten, die Ungerechtigkeiten und Dif. ftande in der Berwaltung, den Raub ihres Staatsvermogens und ihrer Bebrfrafte und Bertheibigungsmittel. Mit bem Ingrimm und ber Buth ber Berzweiflung faben fie ihre nationale Egiftenz, ihren geschichtlichen Lebensstrom mehr und mehr dahinschwinden; ihre glorreiche Bergangenheit schien in ein weit geöffnetes Grab zu finken, ber portugiefische Rame bei ben nachgebornen Geichlechtern in Bergeffenheit zu gerathen. Das Gefühl biefes tragifden Geschides lastete fo schwer auf dem herzog Theodosio von Braganza, dem Sohne jener Ratharina, die einst die Rechte des Hauses ftandhaft gegen Philipp II. vertheidigt hatte (XI, 239), daß er in Gram und Tieffinn verfant und geftorten Beiftes in die Grube hinabfuhr, seinen Dienern auftragend, ihn in ber Stille mit koniglichen Ehren zu bestatten. Sein Sohn João war ber Erbe feiner Anfprude und feiner Reichthumer, ein vorfichtiger, ruhiger Berr, ohne glubende Leidenschaften, mehr den Genüffen und Freuden des Lebens, der Jagd, der Dufit und den gefellschaftlichen Unterhaltungen zugethan als von aktivem Sprgeize gespornt ober bon Berrichbegierde erfüllt, nur im Baffe gegen bie spanische Bwingherrichaft bem Bater gleichenb. Auf ber herzoglichen Familie bon Braganga ruhten bie hoffnungen aller portugiefischen Batrioten; in ihren Abern rollte das Blut der alten Dynaftie, ihre Guter, die den dritten Theil des Reichs umfaßt haben follen, waren fo betrachtlich, daß fie ben Grundftod eines neuen Kronvermögens bilden konnten. Es war begreiflich, daß man in Madrid mit Argwohn auf das Haupt dieses reichen und mächtigen Geschlechtes blicke und es mit Argusaugen übermachte. Allein Joao gab burch feine Lebensweise fo wenig Anftog, ichien fo ausschließlich auf feine Bergnugungen und Berftreuungen gu

Drud unb Biberftanb.

Unter dem Regimente des Herzogs von Olivarez wurde die Lage Portugals immer unerträglicher, der nationale Grimm des Bolkes immer allgemeiner. Die absolutiftischen Reigungen des Günstlings vertrugen sich nicht mit der durch die Constitution von Thomar (XI, 238) sestgesetzten Rechtsordnung; sein stolzes, hochsahrendes Besen verletzte das Rationalgefühl; nur servile Männer, die als Renegaten dei ihren Landsleuten verhaßt waren, genossen sein Bertrauen, wie der Staatssecretär Diogo Soarez, "der schlau war im Betrügen, unterwürsig im Gehorchen und boshaft im Aufsinden von Gewaltthätigkeiten gegen sein Baterland" und dessen Blutsverwondter Miguel de Basconcellos, ein übermüthiger Emporkömmling, habsüchtig, grausam und treulos, ergrimmt gegen

benten, daß man ihm nichts anhaben fonnte.

ben portugiefischen Abel, burch beffen Rache fein gleichgefinnter Bater fein Leben eingebüßt hatte. Die Burbe einer Regentin wurde einer Enkelin Philipps II., ber verwittweten Bergogin Margaretha von Mantua übertragen, einer Frau von weiblicher Engend und Sitte, die aber nicht Rraft und Charafterftarte genug befaß, um gegenüber bem gewalttbatigen Minister und seinen Creaturen ihre Antorität geltend zu machen. Run geschah es, baß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ohne 1628. Mitwirfung ber portugiefischen Reichsstände eine neue Umlage ausschrieb, welche durch eigene Steuerbeamten von allen Städten und Dorfern erhoben werden follte. Diese ungerechte Forberung und die rudfichtelofe Barte, mit der die Beitrage eingetrieben murben, fleigerte bie Erbitterung bes Bolles: in Evora entstand ein Aufruhr, der fich bald über die meisten Ortschaften von Aleintejo erstredte. Aber bas planlose Beginnen nahm einen ungunftigen Ausgang. Der Aufftand wurde burch Baffengewalt unterbrudt; Die Urbeber und Radelsführer ftarben auf bem Schaffot, minber Schuldige mußten auf ben Saleeren bienen. Der Regierung in Mabrid gab diefer Borfall die willfommene Beranlaffung. burch Strafgerichte und Gewalt ben Geift ber nationalen und patriotischen Opposition ju unterbruden und bas portugiefische Land ber castilischen Berrschaft vollends zu unterwerfen. 3mei besondere Gerichtscommissionen (Juntas), die eine in Badajoz, die andere in Apamonte auf der Grenze von Alemtejo und Algarbe, follten die Untersuchung und Bestrafung ber an der Insurrection Betheiligten augleich zu Zwangsmaßregeln benugen, ohne Beachtung ber Berfaffung und Landesrechte. Bugleich berief der Konig einige angefebene Manner aus bem Abel und Alerus nach Madrib, um fich, wie er fagte, bei ben beabsichtigten Reformen ihres Rathes ju bedienen, eigentlich aber um fie als Beifeln unter Aufficht zu ftellen, und ertheilte bem Marques von Bortoseguro den Auftrag, im gangen Lande Mannichaften auszuheben, Reiterei und Fugvolt, welche unter caffilifder Fahne gegen die Franzosen fechten und zur Unterwerfung der catalonischen Insurgenten behülflich sein follten. Dem Bergog von Braganza murde aufgegeben, einen Beerhaufen von taufend Mann aus feinen Ortschaften au stellen und aus eigenen Mitteln auszuruften.

Mit banger Beforgniß blidte man in Portugal auf diese Anzeichen und Olivarez und Borboten weiterer Gewaltschritte; bei Abel und Bolt waren Aller Augen auf ben Bergog Johann gerichtet. Diefer beobachtete aber bie ftrengste Burudhaltung. Dennoch entging er nicht bem Argwohn des Caftilianers. Unter dem Scheine bon Bertrauen und Auszeichnung fuchte Olivarez ben Berbachtigen in feine Bewalt zu bringen: Er ertheilte ihm ben Auftrag, bie Safen und Seeplage ju 1630. befichtigen und in guten Stand ju fegen, damit die frangofifche Flotte, Die in jenen Gemäffern freugte, feine Landung verfuchen möchte, und ftellte zu bem 3med 40,000 Goldstücke zur Berfügung; ließ aber zugleich heimlich an die Befehlshaber der Schiffe und Reftungen Beifungen ergeben, fich der Berfon bes Bergogs Ju bemächtigen und ihn unter ficherem Gewahrsam nach Madrid ju schaffen.

Johann entging jedoch ben Schlingen, indem er ftets mit so großem bewaffneten Gefolge auftrat, bag Riemand fich an ihn wagte; und bas hohe Umt eines Oberbefehlshabers ber Land, und Seemacht in Portugal, welches Olivarez ihm in des Königs Ramen übertragen, mehrte sein Ansehen bei den Landsleuten und gab ibm Gelegenheit, die Bahl feiner Anbanger zu verftarten. Aber behutfam und vorfichtig butete er fich durch Rundgebungen irgend einer Art seine Gefinnungen und Blane vorzeitig zu verrathen. Er erwies bei einem Besuche am Sof ber Regentin die tieffte Chrerbietung und tehrte bann nach Billa-Bicofa, seinem Stammfit jurud. Manche Genoffen ber baterlanbischen Bartei murben irre an ihm, ob er die Königstrone, wenn man fie ihm darbote, auch annehmen, dem Rampfe für Freiheit und Unabhängigkeit seinen Arm leihen wurde. Selbst als bie Baupter ber Patrioten, Francisco und Jorge be Mello, Marquez von Ferreira, Graf von Bimioso, Don Miguel und Don Antao be Almeida u. a. des. halb eine offene Anfrage an ihn stellten, gogerte er ihnen eine bestimmte Antwort au geben. Run lief aber von Madrid ein Schreiben ein, er möchte fich bereit halten, ben König auf einem Feldzug nach Catalonien zu begleiten. Auch an andere portugiefifche Fibalgos ergingen abnliche Aufforderungen. Bergog Sobann argwohnte in ber Ginladung einen neuen Berfuch, fich feiner Berfon zu berfichern, er entschuldigte fich mit allerlei Borwanden und entzog fich bann ber Berpflichtung burch die Ausrede, er fei nicht in ber Lage, an der Spige des portugiefischen Abels ben königlichen Feldzug mitzumachen, ein folder Aufwand gebe über seine Rrafte. Die übrigen Großen folgten seinem Beispiel und bachten zugleich auf Mittel, fich ber Rache bes caftilischen Hofes, die nicht ausbleiben tonnte, ju entziehen.

Die patrios

Damals ging eine revolutionare Luft durch die Belt, welche die Phantafie rartei und der Menschen aufregte und die Gemüther der unter dem Druck des Despotismus seufzenden Bolter mit Freiheitshoffnungen erfüllte. Die Catalonier hatten bie Baffen zur Bertheidigung ihrer alten Gerechtsame ergriffen; in Schottland mar bas Bolt aufgeftanden, um fich ber Stuart'ichen Gewaltherrichaft zu erwehren; da und dort hatte Richelieu seine Bande im Spiel. Sollte die portugiefische Ration, die tiefer als jede andere ins Berg getroffen war, fich nicht ermannen, um das Joch der Anechtschaft abzuwerfen, das fremde Thrannei ihr auferlegt hatte und das der Uebermuth und die Bewaltthätigkeiten eines rechtsverlegenden Miniftere immer fcwerer machten? Und follte nicht berfelbe fluge Staatsmann. der, während er die conspiratorischen Reigungen im eigenen Land mit ftarkem Arm niederwarf, jedem Beinde des Sabsburger Berricherhauses die Bundeshand bot, auch für Portugal zu militärischer Gulfeleiftung fich bereit finden laffen? Diese Fragen erwog eine Abelspartei, die fich am 12. Ottober 1640 beimlich im Sause des Antao de Almeida versammelt hatte, um sich über die Butunft bes Baterlandes ju berathen. Es waren biefelben Patrioten, benen wir ichon oben begegnet find, und außerdem noch Bedro de Mendonca, Antonio de Salbanha und João Pinto Ribeiro, Gefcaftsführer bes Saufes Braganga. Bieber wurde die Rlage laut, daß der Bergog mit seiner Gefinnung so gurudhalte; manche ber Anwesenden meinten, man solle es mit einer Republit versuchen, ein Gebante, ber bamals and anderwärts erwogen ward. Da fagte Binto, ein Mann von großer Rlugbeit und Fabigleit, man folle ben boben herrn jum Ronig andrufen, ohne fich vorber feiner Buftimmung ju vergewiffern, die geschehene Thatfache wurde ihn bann icon fortreißen. Der Borfchlag fand ben Beifall ber Berfammlung; man befolog, in diefem Sinne vorzugeben, zugleich aber ben Bergog durch Bedro de Mendonça, seinen Gutsnachbar von dem Borbaben in Renntniß au fegen. Als Johann auf ber Jagb im Bart aus bem Munde bes befreundeten Mannes von der Sache unterrichtet ward, gerieth er in große Aufregung und Sorge. Er ging mit feiner Gemablin, Luiza be Guzman aus bem angesehenen caftilischen Geschlechte ber Mebina Sibonia, einer Dame bon hobem Sinn und mannlichem Charatter, und mit feinem Geheimschreiber Antonio Baca Biegas zu Rathe, und erft als diese ihm zuredeten, die angebotene Krone nicht jurudzuweisen, da er ber Rache bes Madriber Hofes doch nicht entgeben werde und es ehrenvoller fei, im ruhmlichen Rampfe feinen Untergang zu finden, als einem tudifchen Reinde au erliegen, beschloß er bem Rufe bes Schichals au folgen. "Dir bleibt nur die Bahl, sagte die muthige Herzogin, in Liffabon als Ronig ober in Madrid als Berbrecher zu fterben". Die Rachricht von diefer Bendung wurde von den Berschwornen mit großer Freude aufgenommen, "es war die erfte Acclamation".

Einen Monat spater, am 26. Rovember, folichen fich in dunkler Racht Der berges dieselben Schelleute und einige andere Gefinnungsgenoffen, nachdem fie an ver- ausgerufe Schiedenen Orten die Bagen verlaffen, in den Palaft der Braganza in Liffabon, 1640. um mit Binto Ribeiro, der dort seine Bobnung batte, den Blan der Ausführung ju berathen. Die Diener waren entfernt, die inneren Raume nur fparlich beleuchtet. Denn es waren bereits bem Grafen Olivarez und ber Regentin Margaretha Binte und Andeutungen über bevorftebende wichtige Ereigniffe zugegangen. Dier murbe ber Befdluß gefaßt, daß bie versammelten Parteibaupter mit einigen zuverlässigen Berbundeten, die noch ins Geheimniß zu ziehen seien, am 1. December in ben Balaft ber Regentin bringen, Die Bachter entwaffnen, ben Staatssecretar Miquel de Basconcellos ermorden und vom Balcon berab ben Berzog von Braganza als König João IV. ausrufen follten. Mittlerweile follte man fich der Beiftimmung der Stadtverordneten und der Bunftvorsteher verfichern und den Erzbischof von Liffabon, deffen vaterlandische Sympathien bekannt waren, für bas Unternehmen zu gewinnen suchen. Der Plan wurde zur bestimmten Stunde mit ber größten Bunttlichkeit ausgeführt; teiner ber verbundeten Eblen fehlte an feinem Boften, teiner zeigte fich läffig in bem ihm zugewiesenen Geschäfte. Rachdem man fich der Zugange mit Gewalt bemächtigt, einige Leibwachter und Palaftbeamte, bie Biberftand leiften wollten, aus bem Bege ge-

raumt, wurde Basconcellos aus feinem Berfted gezogen und mit Bunden bededt aum Renfter binab in den Schlosbof gestürzt, wo der Boltsbanfe seine Buth an bem Sterbenden ausließ. Ein Schwert schwingend rief Miguel de Almeida vom Balcon herab mit lauter Stimme: "Freiheit den Portugiefen! Es lebe Konig Dom João IV.!" ein Ruf, der mit Jubel vernommen und durch die Stadt verbreitet wurde. Die Bergogin-Regentin, ber fich die Baupter ber Berfchworung ehrfurchteboll nahten und fie jur Anertennung ber nenen Ordnung aufforderten, versuchte zu vermitteln, indem fie Berzeihung und Abstellung ber Reschwerden von Seiten bes Ronias Bbilipp IV. in Ausficht ftellte; als fie aber die Fruchtlofigfeit ihrer Bemühungen erfannte, gab fie alle weiteren Berfuche eines Biberftandes auf und ertheilte bem Commandanten ber Citadelle ben Befehl, keinen Gebrauch von seinem Geschütze ju machen. Daburch wurde die Sauptstadt vor unberechenbarem Schaden bewahrt. Gine Chrenwache unter Antas de Almeida forgte für die Sicherheit ber Regentin, mabrend die Ridalgos weitere Bortebrungen gur Durchführung ber Revolution trafen. Die ftadtifchen Beborben fügten fich ohne Biberstand in das Geschehene, das vom Abel vollbracht, von der Geistlichkeit gefegnet worden. Satte fich boch "ber Priefter von Azambuja" bei bem Schlofüberfall fo febr burch Muth und Tauferteit bervorgethan, daß fein Rame noch lange im Munde des Boltes fortlebte. An der Spipe der Covernadores, bie bis gur Antunft bes neuen Ronigs bie Regierung übernahmen und bie nothige Anordnung für beffen Anertennung durch die Gemeindevorfteber ber Stabte und bes gangen Landes trafen, ftand ber Ergbischof von Liffabon. Die Spanier in der Stadt und auf den Schiffen wurden fo fehr von den ungeahnten Greigniffen überrascht, daß fie teinen Biderftand versuchten. Der Buravoat Luiz del Campo übergab das Caftell vertragsweise der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und zog mit seiner Besahungsmannschaft nach Spanien ab. Er wurde bei seiner Antunft in Madrid verhaftet und durch ein friegsgerichtliches Urtheil für ehrlos ertlart, ein Schicffal, bas fo febr feinen Beift erfcutterte, bag er in Babnfinn verfiel.

Der Mosan Das Beispiel der Hauptstadt wurde rasch im ganzen Lande nachgeahmt.

Das Beispiel der Hauptstadt wurde rasch im ganzen Lande nachgeahmt. In Santarem, in Coimbra, in Oporto, in Braga wurde der Herzog als König ausgerusen; wo die geringen Bespienngen der Castilianer mit der Uebergade einzelner Burgen zögerten, wurde der Widerstand mit Gewalt gebrochen. Als der König in Begleitung des Marques von Ferreira, des Grasen von Bimioso, des Pedro de Menezes und des Jorge, de Mello von Billa-Bisos in die Hauptstadt einzog, war die Anerkennung in allen Provinzen und Städten vollbracht. Mit Jubel und rauschenden Freudenbezeigungen seierten die Portugiesen den Umschwung der Dinge und die wiedergewonnene Freiheit. Als auch noch das seste Castell San Juliao, die Bormauer und der Schlüssel von Lissabon durch Berrath in die Hand der Portugiesen gefallen war, stand der Krönungs- und Huldische gungsseier nichts mehr im Wege. Sie wurde am 15. December mit den her-

tömmlichen Formen und Ceremonien in aller Pracht vollzogen. Mit der gegenseitigen Sidesleistung des Volkes und des Königs und mit der Weihe in der Kathedrale endete die merkwürdige Revolution, die ohne gewaltsame Erschütterung und mit wenig Blut die Krone von Portugal vom Haupte des castilischen Herrschers riß und sie wieder einem Sprößling der angestammten Ohnastie verlieh. Die Herzogin-Regentin Margaretha, die das Rloster Santos zum Aufenthalt für sich und ihre Dienerschaft gewählt, kehrte in der Folge nach Madrid
zurück. Mit dem Beginne des neuen Jahres wurden nach langer Unterbrechung die Cortes wieder in Lissabon versammelt. Die drei Stände des Reiches bestätigten die Umgestaltung der Dinge und leisteten dem König João IV. als ihrem rechtmäßigen Herrn den Sid der Trene, zugleich in einem Manisest die Gründe und die Berechtigung des Absalls von Spanien darlegend.

### 3. Portugal unter Johann IV. und Alfonso VI.

Der neue Monarch, mit bem bas Saus Braganza ben Thron von Bor- gonig tugal gewann, theils in Folge feiner Abstammung theils burch einen Billensatt 1640-56. ber Ration, war fein Mann von hervorragenden Berrichergaben; hatte er boch nur zogernd und faft widerwillig die große Miffion der Befreiung übernommen! Allein er befaß manche Gigenschaften, Die ibn gur Durchführung bes begonnenen Bertes fabig machten, und war guten Rathfchlagen zuganglich. Er fuchte nicht den Urfprung feines hoben Amtes zu verleugnen, fondern war bemubt, mit den Bertretern des Bolfes Sand in Sand die zur Behauptung ber nationalen Unabhangigkeit zwedinaßigen Mittel zu finden und zu ergreifen. Denn es war boraus. zusehen, daß die caftilianische Regierung den durch einen Att der Ueberraschung vollbrachten Abfall bes portugiefischen Rönigreichs, bas sechzig Sahre lang ber ipanifchen Rrone gehorcht hatte, nicht fo ruhig hinnehmen, daß fie vielmehr alle Rrafte anstrengen murbe, bas verlorne Rleinod jurudjugewinnen. Darum mußte es die erfte Sorge bes Ronigs und ber Stande fein, die gur Bertheibigung bes Landes erforberliche Militarmacht zu ichaffen. Begeiftert durch bie Großmuth und Uneigennütigkeit bes neuen Berrichers, ber die bon ben fpanifchen Ronigen eingeführten Abgaben als ungesetlich abschaffte und sein eigenes Bermogen, mit Ausnahme eines kleinen Aufwandes jum Unterhalt bes königlichen Saufes, für Staatseigenthum erklarte, trafen die Cortes über Besteuerung und Rriegswefen tiefgreifende Bestimmungen. Durch ben Behnten bom Einkommen, burch Bolle, burch eine Accife auf Lebensmittel in ben größeren Städten, burch Selbstbesteuerung bes Rierus hofften fie bie zur Unterhaltung einer ansehnlichen Militarmacht und jur Bestreitung ber Roften bes Rriegs und ber Bermaltung nöthigen Gelb. fummen zu erzielen. Die rafche Anerkennung, welche ber Ronig in ben auswartigen Befitungen fand, sowohl auf Madeira und ben übrigen Inseln bes atlantischen Meeres, als in Amerika und Afien, erhöhte bas Bertrauen des Reichstags

#### C. Die pyrenaifde und die apenninifde Salbinfel. 300

und ließ eine Bermehrung ber Ginkunfte burch neuen Aufschwung bes Handels erwarten.

Schwierige Lage. Con-

"Ich habe Ew. Majestät eine frohe Botschaft zu bringen", soll Olivarez zu ipiratoriide-Rönig Bhilipp gesagt haben, als er ihm die Borgange in Lissabon meldete; "der Bergog von Braganga bat fich emport und badurch feine Guter verwirft; Em. Majeftat ift um ein Berzogthum reicher geworben". Und allerdings zeigten fich, nachdem die Tage ber Freude über die gelungene Befreiung vorüber waren, in Rurgem fo viele Schwierigkeiten und Gefahren, bag man in Mabrid einen baldigen Umschwung erwarten durfte. Unter bem boben Abel gablte die spanische Berrichaft viele Anhanger: manche bavon floben nach Madrid und boten der Regierung ihren Rath und ihre Dienfte an; andere blieben gurud, um in Portugal felbft eine Gegenrevolution ju bewirten. Es bauerte nicht lange, fo murde bem Ronig hinterbracht, daß eine weitverzweigte Berfchworung unter ber Leitung des Erzbischofs von Braga bestehe, in welche der Großinquisitor und mehrere Abelige erften Ranges verflochten feien und die ein "neuer Christ" Bedro Baeca, ein reicher Sandelsmann nebst zwei andern Juden mit Gelbsummen förderten. Durch gerichtliche Untersuchung wurde das Complot flar gelegt, worauf die Hauptschuldigen, unter ihnen der Marquez von Billa-Real, sein Gobn der Bergog von August 1841. Caminha und der jugendliche Graf von Armamar auf dem Blutgerufte ftarben. der Erzbischof bis an seinen Tod im Gefängniß gehalten wurde. Auch ber Groß. inquifitor bufte für feine conspiratorischen Umtriebe mit mehrjähriger Saft. wurde die Gefahr einer Gegenrevolution in Vortugal felbst abgewendet und bes Ronige Ansehen befestigt. Richtsbestoweniger mar bie Butunft bes neuen Ronigreiches von dunkeln Bolken bebroht. Birb es im Stande fein, mit feinen geringen Streitfraften, mit feiner ichwachen Marine, mit feinen ericopften Kinangen ben Angriffen des großen, von Sag und Rachsucht angespornten Rachbars zu widerstehen, die caftilischen Sympathien bei ben hoberen Standen im Lande felbst niederzuhalten? Da war es benn ein Glud, bag bas spanischöfterreichische Berricherhaus in ben vierziger Jahren an fo vielen Orten augleich beschäftigt mar, mithin nur mit getheilten Rraften ben gablreichen Reinben gu widerstehen vermochte und daß Frankreich, die Riederlande, ja felbft England

Malangen.

Richelieu trug tein Bebenten, mit bem neuen Ronig von Portugal einen Bundesvertrag abzuschließen, in den dann sein Rachfolger Magarin eintrat; aber die verfprocene Gulfeleiftung beftand größtentheils in iconen Berheifungen; die Bertheis bigung mußten die Portugiesen selbst führen. Auch die Riederlander traten mit Bortugal in ein Bundniß und versprachen Rriegeschiffe nach Liffabon ju fciden, um die caftilifde flotte von Feindseligkeiten abzuhalten: aber die Colonien, die fie mabrend der spanifchen Berricaft in ihre Gewalt gebracht, behielten fie im Befit und trop bes amangigjährigen Baffenstillstandes, den fie mit der portugief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en, nahmen fie doch keinen Anstand, in Brafilien ihre Eroberungen auszudehnen. Bie ber Bund mit Frankreich brachte somit auch ber Bertrag mit bem nieberlandischen

stets bereit maren, jedem Gegner ber Sabsburger die Sand zu reichen.

Freiftaat teine dirette Gulfe, nicht einmal eine aufrichtige Freundschaft; es war nur ein Abtommen zur Bekämpfung eines gemeinschaftlichen Zeindes im eigenen Bortheil. Auch mit England wurde ein Freundschaftsvertrag geschloffen, fraft beffen zwischen beiben Staaten ein friedlicher Sandelsverkehr bestehen und die auf portugiefifdem Gebiete fich aufhaltenden Englander Religionsfreibeit und Rechtsficherheit genießen und der Inquifition nicht unterworfen fein follten. Bie wenig unmittelbaren praftifchen Rugen auch diefe Soupbundniffe und ein abnlicher Bertrag mit Schweden dem jungen Konigreich bringen mochten, fo hatten fie doch eine moralis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ie nicht gering anjufolagen war: Portugal wurde von den meisten europäischen Rachten als selbftanbiger Staat anerfannt. Und wenn gleich die Babeburger Sofe beider Linien Einfluß genug befaßen, die portugiefischen Bevollmächtigten gegen ben Antrag von Arankreich von den Friedensverhandlungen in Munfter auszuschließen, so bewirfte doch ihre bloße Anwesenheit an dem damaligen Mittelpunkt der diplomatischen Thätigkeit, daß fich Curopa wieder an das Dafein eines unabhängigen Königreichs Portugal gewöhnte.

Rur in Rom feste es der spanische Botschafter durch, daß der portugiefische Ge- Rom vermei-fandte, der dem heiligen Bater die Chrsurcht und Obedienz seines herrn darbringen erfennung. sollte, im Batican keine Audienz erlangte, wie sehr sich auch der Bertreter Frankreichs ju seinen Gunften verwendete. Es tam in den Strafen der ewigen Stadt unter den Augen des Papftes zu feindseligen und blutigen Auftritten zwischen beiden Gefandten und ihrem aus gedungenen Banditen gebildeten bewaffneten Gefolge. So groß mar die Rudfict des firchlichen Oberhaupts auf das tatholifche herricherhaus und die Furcht und Scheu, daffelbe durch die Anertennung eines Fürften, den man am caftilifden pof als "Räuber" und "Meineidigen" bezeichnete, zu beleidigen, daß João IV., trop feiner Devotion und Hingebung für Rirche und Klerus, es nie dahin bringen konnte, das Königreich Bortugal als selbständigen Staat bei dem romischen Stuhl Geltung finden ju feben. Mittlerweile verobeten Die Bifcoffite, ba der beilige Bater teine Brafentationen bon dem "Bergog von Braganga" entgegennehmen und beftätigen wollte. Ronig und Stande magten nicht, dem firchlichen Oberhirten anders als mit demuthigen Bitten ju naben. Biermal wechselte ber romifche Stuhl den Inhaber, aber gegenüber Bortugal blieb die Politik stets dieselbe. Erft als Johann und sein Sohn gestorben waren, erlangte der dritte König auf dem "restaurirten Thron" die Anerkennung Roms.

Bortugale Butunft beruhte somit auf der Thatfraft des eigenen Bolles; Batriotischer und biefe bemahrte fich auf bas Glanzenofte. Die Portugiesen zeigten eben fo viel Ausdauer und Opferfähigfeit in ber Behauptung ihrer Freiheit, als fie Muth und Geschick bei ber Ertampfung gezeigt hatten. Das Beispiel bes Ronigs, ber fein Bermogen einsette, feine Rleinobien vertaufte, wirfte auf alle Stande gurud. Richt nur ber Reichstag bewilligte bie erforderlichen Steuern und Auflagen, das gange Land nahm einen patriotischen Aufschwung. In großer Gile wurde eine Ariegestotte geschaffen und der erfahrene Antonio Telles de Menezes zum Oberbefehlshaber ernannt; durch Aushebung junger Mannschaft in allen Provinzen bildete man ein heer von "Lohnsoldaten" zu Roß und zu Fuß, mahrend eine Landwehr die Grenggebiete butete.

Bei diefen Borbereitungen tam es den Portugiefen ju Statten, daß die Ca- Erlege mit fillianer den Rern ihrer heimischen Rriegsmacht gegen die Catalonier und ihre 1644-46.

# 302 C. Die pyrenäische und die apenninische Halbinsel.

französischen Bundesgenossen verwenden mußten und daß sie lange zögerten, ehe sie gegen die westlichen Insurgenten ins Feld zogen, in der Hossinung, die spanisch gesinnte Partei würde start genug sein, eine Umwälzung im Lande selbst herbeizusühren und das frühere Berhältniß herzustellen. Olivarez wurde aus seiner Stellung gedrängt, ehe noch der Krieg gegen Portugal ernstlich begonnen hatte. Die Regentin Margaretha von Mantua trug während ihres Ausenthaltes in Madrid nicht wenig zu dem Sturz des Günstlings bei. Erst im Frühjahr 1644 rücke ein spanisches Heer unter dem Marques de Torrecusa von Badajoz aus über die Gnadiana, erlitt aber durch den portugiesischen Feldheren Nathias de

26. Mai Albuquerque nach einem hisigen blutigen Zusammentreffen eine Riederlage und mußte über den Greuzssuß zurücklehren. Das junge portugiesische Heer bestand seine erste Feuerprobe mit Auhm; es war ein Bortheil, daß auch von spanischer Seite neugewordene Truppen im Felde standen, daß somit "Unerfahrenheit nut Unerfahrenheit kampfte". Abuquerque wurde zum Grafen von Alegrete erhoben. Sin zweiter Feldzug, den im nächsten Jahr der erprobte General de Laganes gegen Elvas unternahm, siel glücklicher für die Castilianer aus; sie hatten den

25 Oft. Triumph, Billa-Biçosa, den Stainmsis der Herzoge von Braganza zu erobern und in Asche zu legen. Auch der nächste Feldzug war zum Bortheil der Spanier. Die Portugiesen, welche die Guadiana überschritten und das Fort Telena eingenommen hatten, wurden von dem überlegenen Feind unter Lagasses unerwartet

Genommen gaten, wutven von vem noertegenen Fernd unter Lugunes unerwarter 5ex68 1646. angegriffen und mit großem Verluste über den Grenzsluß bis in die Festung Elvas zurückgeschlagen. Im Rummer über die Riederlage ging Graf Alegreit aus dem Leben.

Joace Gerts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war jevoch nicht im Sinnern, die gleichzeitigen Kriege in fektigt fic. Bortheil zu ziehen: Die Rothstände im Innern, die gleichzeitigen Kriege in Raffkaufftand in Neavel nahmen so Die spanifche Regierung war jedoch nicht im Stande, von biefem Siege febr alle Rrafte in Anfpruch, bag man Portugal fich felbft überlaffen mußte. Der Rrieg im Beften ber Salbinfel erlitt eine thatfachliche Unterbrechung, ohne daß es zu einem Friedensschluß gekommen mare. Rur fleine Gin- und Ueberfälle, rauberifche Streifzuge und Berbeerung ber Grenglandschaften lieferten von Beit gu Beit ben Beweis, daß man in Caftilien die Rachegebanken und Umfturaplane Mittlerweile befestigte fich die Regierung Joãos IV. nidit aufgegeben babe. mehr und mehr.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ben Cortes, die er von Beit gn Beit in Lissabon versammelte, traf er Borkehrungen zum Schuse der Grenzen und zur Berbefferung bes inneren Staatslebens durch Gefete und Reformen auf allen Gebieten ber Bermaltung, ber Rechtspflege, ber Finang- und Steuerordnung. Bugleich unterhielt er in Madrid Berbindungen mit hochgestellten Bersonen, Die ibn von allen wichtigen Rathichlagen unterrichteten und ihn baburch in Stand fetten, feindfeligen Planen rechtzeitig zu begegnen.

Schicffol bes Ginen tiefen Schmerz bereitzte dem König die habsburgifche Rachfucht durch ihr Graufauen treulofes, graufames Berfahren gegen seinen Bruder Duarte. Der portugiefische Insant

fand in tafferlichen Dienften und batte fich flets treu und ruhmlich gehalten. Als nun die Rachricht bon der Revolution in Liffabon nach Bien gelangte, bewirfte die spanifc gefinnte Camarilla, das Raifer Berdinand III. den Befehl zur Berhaftung des Pringen gab. Bie febr and b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hren Unwillen aussprach über einen fo ionoden Berrath bes Gaftrechts, über ben Undant bes Saufes Defterreich gegen einen Burftenfohn, der feit Jahren feinen Degen für die taiferliche Sache geführt batte, und dem Unternehmen feines Bruders volltommen fremd geblieben war; wie eifrig fich immer João für die Freilassung bes Pringen verwendete; bie Rachsucht und Treulosigkeit ber spanifo-bfterreidischen Familienpolitit bestand auf der Gefangenhaltung des unfoulbigen Infanten. Chused wurde von geftung ju geftung gefdleppt und ftarb endlich nach achtjährigen Rerterleiben im neunundbreißigften Lebensjahr in ber Citabelle von Sept. 1649. Railand, ein fürftlicher Mann von fconer einnehmender Geftalt, voll Bohlwollen, Bergensgute und edler Bildung.

Dant den politischen und friegerischen Berwidelungen, welche Spaniens Die Unab-Aufmerksamkeit fortwährend an vielen Orten augleich beschäftigten, konnte Ronig fichert. João IV. die Unabhängigkeit Portugals fest begrunden und auch manche verlorne Befigung in andern Belttheilen wieder gurudgewinnen; und wenn ichon die habsburgische Bolitit den Triumph batte, daß i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das Konigreich im Beften ber pprenaischen Salbinfel nicht unter ben Theilnehmern an dem aroben Bacificationswert genannt ward, fo war boch um die Mitte des Jahrhunderts taum mehr ein Bweifel vorhanden, daß das neue Reich einer geficherten Butunft entgegengebe.

Auch in ber auswärtigen Colonialweit machte fich ber ermuthigende Rudfchlag Die auswars bemerklich, ben die Befreiung des Mutterlandes auf die ehemaligen portugiefischen figungen. Befigungen ausubte. In Oftindien tonnte gwar bas frubere Uebergewicht nicht wieder Oftinbien. bergestellt werden, vielmehr gewannen die Sollander, feit die Bortugiefen die unter dem greifen Antonio de Coufa Coutingo mit altem Belbenmuth bertheibigte geftung Columbo auf Ceplon übergeben mußten, auf der Bimmetinfel, auf der Rufte Coromandel 12. Mai und in ber gangen oftindifchen Infelwelt immer mehr Boben. Der Ronig felbft hatte den "Roloß, der ihm teinen Rugen gewährte", gerne ganz aufgegeben, hatte er nicht in feinem Gewiffen Bedenten getragen, die "Reger" Meifter werden zu laffen über tatholifche Lander. — Auch in Abeffinien wurden die Portugiefen fammt den Besuiten vertrieben. Abeffinien. Statt in bem Lanbe, wo von Alters ber noch einige Spuren driftlicher Cultur vor- 1854. handen waren, diefe gu neuem Leben zu erweden, hatten die Bater der Gefellichaft Sefu durch thre dogmatifche und firchliche Engherzigkeit ben Samen religiöfer Zwietracht ausgestreut und sich badurch ben has ber Eingebornen jugezogen. Seitdem gewann der Mohammedanismus, dem das in traffen Aberglauben und Ceremoniendienst verberfuntene Christenthum teinen nachbrudlichen Biderftand ju leiften bermochte, immer mehr Boben in dem abeffinischen Gebirgs- und Ruftenland. - Dagegen murbe in Brafilien. Brafifien die Berricaft Portugals wieder aufgerichtet und auch in Beftafrita die frubere Stellung behauptet. Schon in den vierziger Inbren hatte Fernandez Bieira und fein Somiegervater Berenguer, einem eblen Geschlechte auf Madeira entflammt, in Bernambuco die gabne des Unabhängigkeitstampfes gegen die Hollander entfaltet und einen Rrieg erhoben, der durch Sandelsintereffen wie durch den Begenfat der Religion und der Race jur leidenschaftlichen Gluth entflammt mit jedem Jahre an heftigkeit und Ausbehnung gewann, besonders seitdem die Grundung einer portugiefifchen Sandels-

# 304 C. Die pyrenäische und die apenninische Salbinsel.

geseben. Der Seekrieg zwischen Genstand und den Niederlanden zur Zeit Cromwells war für Portugal von Bortheil. Rachdem König Ishann den Zorn des mächtigen Protectors über die den pfälzischen Prinzen gewährte Hülfe und Sastfreundschaft befänstigt (G. 221) und den alten Handels- und Schiffsahrtsvertrag erneuert hatte, errangen die portugiesischen Bassen unter Francisco Barreto glänzende Erfolge, so das in den fünfziger Iahren das ganze Küstenland im Rorden und Süden von Pernambuco mit den karten Forts in die Hände der Portugiesen siel und die Holländer, nach der In. 1864 Uebergade der Hauptschung Recise, das brasilische Küstenland, das sie seit-dreißig Iahren mit so großen Anstrengungen gewonnen und behauptet, ausgeben mußten.

Johanns IV. Ausgang.

Mit Recht erblickte ber Konia in dem Befite des reichen brafilischen Landes. bas er feine "Mildtub" nannte, ben bochften Gewinn fur bie Butunft bes Ronigreichs. Borfichtig und behutsam in seinem gangen Befen war er auch sparfam und gurudhaltend in Ausgaben. Er fannte ben Berth eines geregelten Staateschapes und vermied darum gern jedes friegerische Unternehmen oder Bagniß. Am 6. Rovember 1656 ftarb João IV., ber erfte Ronig aus bein Saufe Braganga, nachbein er bas "restaurirte Portugal" unter ben Schut ber Madonna "bon der unbeflecten Empfängniß" gestellt, deren Bildniß seit undenklichen Beiten in Billa Bicofa aufbewahrt gewesen und der Kamilie ftets Glud gebracht. Drei Jahre vor seinen Tode hatte er noch ben Rummer, seinen Erstgebornen Theodofio, einen Jungling von feurigem Streben, edler Bildung und ritterlichem Sinne, beffen Anlagen und Charafter zu den glanzenoften Soffnungen berechtigten, ins Grab finten zu feben, ein schweres Geschick für die Ration, ba die beiden jungern Sohne Joaos, Affonso und Bedro dem alteren Bruder weit nachstanden. Seine Tochter Ratharina murde in der Folge die Gemahlin Rarle II. von England; eine natürliche Tochter wurde von der Ronigin Bittwe gegen die Beftimmung ihres Gemable einem Alofter übergeben.

Mfonfo VI. 1656—67. + 1683

Die Semahlin Joãos, welche für die Erhebung des Hauses so erfolgreich gewirft hatte, führte auch dem Willen des Berstorbenen gemäß über den Thronfolger Affonso VI., der erst im vierzehnten Jahre stand, die vormundschaftliche Regierung; und selbst als dieser das Alter der Mündigkeit erreichte, behielt die Königin Mutter Luiza die Zügel der Regentschaft in Händen, da der Sohn zur Selbstregierung unfähig schien. Affonso war von Kindheit an allen ernsten Dingen abgeneigt: er trieb sich am liebsten mit Gassenjungen herum und ergötzte sich an ihren rohen Spielen, die Ermahnungen der Lehrer verachtend. Als er noch kaum den Knabenjahren entwachsen zum Throne berufen ward, setzt er die niedrigen Bergnügungen fort: in Gesellschaft von Kausbolden und Wüstlingen durchzog er die Straßen, besuchte verrusene Orte und schändete Stand und Geschlecht durch gemeine Sitten. Antonio Conti, ein Italiener von Geburt, der in der Rähe des Schlosses einen Laden hielt, wußte sich die ausschweisenden Reisgungen des sürstlichen Jünglings zu Ruße zu machen, so daß er dessen ganzes Bertrauen gewann und bald die Stellung, den Einsluß und die Anmaßung eines

begunftigten Soffinge fich erwarb. Er ward bas Haupt und die Seele einer Partei bon "Affonfiften", welche der Regentin entgegenwirkte und fie bom Sofe und bon ben Staatsgeschäften zu verbrangen suchte. Diese richtete bagegen ihre Blide auf den jungeren Sohn Bedro, der bei des Baters Tod erft acht Jahre Die Regentin gablte, ließ ihm eine prachtige Bohnung berftellen, wo eine angesehene und ge- Bebro. bildete Gefelischaft fich um benfelben sammelte, gab ihm einen Lehrer und Führer aus toniglichem Blut und fann auf Mittel, ben Infanten mit Sulfe einiger Reichsbeamten und der Cortes auf den Thron zu heben. Als fie mit Affonso 1662. einer Staatsrathsfigung beimobnte, murbe Conti durch den Bergog von Cabaval in ben toniglichen Gemächern berhaftet, wahrend fich andere ber einflufreichften Baupter ber Affonfiften-Bartei bemachtigten. Die Gefangenen follten zu Schiffe gebracht und nach Brafilien geschafft merben. Bugleich wurde in ber Staats. rathsfigung eine Befdwerdeschrift verlesen, worin die Lebensweise des Ronigs und der verderbliche Ginfluß feiner Umgebung auf die Regierung in den schärfften Borten gerügt waren. Buthend vor Born entfernte fich Affonso nach Alcantara Die Regentin entfernt. und faste bort auf ben Rath feines Rammerberen, bes Grafen von Caftello-Relber, eines eben fo fähigen und gewandten, als intriganten und ehrfüchtigen Ebelmannes ben Blan, seine Mutter aus ber Regentschaft, die fie trop der Bolljährigkeit des Sohnes immer noch fortführte, ju verbrangen und die Bugel ber Berrichaft in Die eigene Sand ju nehmen. Dant ber Rlugheit bes Rathgebers gelang der Plan: Affonso wurde als herr und Ronig anerfannt; Caftello-Relbor trat an die Spipe ber Staatsgeschafte, die Ronigin Mutter murbe nach einigen vergeblichen Berfuchen, ben Staatsffreich burch Begenanstalten zu vereiteln, genothigt ben hof zu verlaffen und fich in ein Rlofter zurudzuziehen, wo fie brei 1663. Jahre nachber ftarb. Ihre Anhanger wurden aus Liffabon verwiefen, der Sofhalt bes Infanten Bedro aus Affonfisten gebildet, Die Staatsamter zuberlaffigen Anhangern bes neuen Regiments übertragen.

Run war Graf Caftello-Melhor unbeschränkter Gebieter des Ministerraths Der König und beherrschte Reich und Hof wie einst Lerma und Olivarez in Madrid. Und intriguen. wie wenig er auch bei dem Bolke beliebt war, seine Umsicht und Geschicklichkeit in der Berwaltung fand große Anerkennung. Allein den König vermochte er nicht zu einer Beränderung seiner Lebensweise zu bewegen. Nach wie vor über- ließ sich Affonso den Ausbrüchen seiner roben verwilderten Ratur und ergab sich den größten Ausschweisungen. Bergebens hoffte Castello-Melhor seinen Herrn durch eine Bermählung mit einer französischen Dame aus königlichem Blut, Rarie Franzoise Clisabeth von Savoyen-Remours, einer Enkelin des Herzogs von Bendome, auf bestere Wege zu bringen; Affonso zeigte seiner Gemahlin Junt 1888. keine Zuneigung; und als die Königlin sich mit leidenschaftlichem Ehrgeiz in die Regierungsgeschäfte mischte, als ihre französischen Begleiter eine Camarilla am Hose bildeten, welche die Angelegenheiten in Lissabon ganz im Sinne und Interselle der Parifer Regierung zu leiten sucht, als Dom Pedro und die Partei der

alten Rönigin am Sofe wieder ju Gunft und Ansehen gelangten; wurde die Entzweiung und Entfremdung der beiden Chegatten immer größer. Auch der Einfluß des Grafen fcwand dabin : ber Ronig gab ibm Schuld, daß er ibn gu der so widerwärtigen Heirath beredet; die Königin suchte ihn aus seiner Stellung ju drangen, um die Leitung der öffentlichen Dinge felbst in die Sand zu betommen. Der Infant entfernte fich zeitweise aus Liffabon, aber seine Beziehungen ju ber Schwägerin bauerten ungeschwächt fort. Affonso gerieth barüber in Unrube und Gifersucht, welche die Dighelligfeiten in ber Familie immer mehr fteigerten und zu Rabalen und boshaften Butragereien Beranlaffung genug boten. Als der Infant um die Stelle eines Connetable, eines Oberbefehlshabers der gesammten Beeresmacht nachsuchte, wurde Affonso von bem tobtlichen Argwohn erfaßt, der Bruder und die Gemahlin wollten ihn bom Throne ftogen. biefer Argwohn nicht unbegrundet mar, trat bald genug ju Tage. Babrend bie Rönigin auf ben Stury bes Bunftlings und bes ihm ergebenen Staatsfecretars Soula de Macedo, eines flugen geschäftsgewandten und patriotischen Mannes, hinarbeitete und fich bazu ber Mitwirtung bes frangofischen Marschalls Schomberg, bes Befehlshabers ber in Liffabon anmefenden fremden Sulfsarinee perficherte, suchte ber Infant bei bem Abel und ben Offizieren Parteigenoffen gu werben. Die Unfähigkeit des Konigs fur das bobe Berricheramt und die Ungufriedenheit über die Difftande in bem gefammten Staateforper führten ihm viele Anhanger zu. Reich und Sof waren durch Factionen gespalten, burch Intriquen und Berführungstunfte berwirrt; bie Spanier, welche die Feindseligfeiten bon Reuem begonnen hatten, rechneten auf ben naben Ausbruch eines Burgerfricis in Portugal, der ihnen die Biedereroberung des Nachbarlandes erleichtern murde; alle Gemuther waren in Aufregung, buftere Bahrfagungen liefen im Bolte umber und mehrten die innere Unrube.

Die Balaft-

Eine Palaftrevolution, beren Faben bie Rönigin und ber Infant in Sanben revolution. 1867. hatten, war in Borbereitung. Der Graf suchte den König zu bereden, fich an die Spipe ber ihm ergebenen Regimenter ju ftellen und ben beabsichtigten Staate. ftreich, ben ber Minister voraussah, durch entschloffenes Sandeln zu vereiteln; aber Affonso zeigte weder Muth noch Berftandniß der Gefahr; er nahm bie Borte bes Gunftlings fo gleichgultig bin, bag biefer ihn feinem Schickal ju überlaffen beschloß. Roch in berfelben Racht ritt Caftello-Melhor aus Liffabon weg und entfloh bann, burch Bertleibung fich untenntlich machend, in bas Ausland. Run war Antonio de Sousa das Haupt des Ministeriums und ber Affonfistenpartei. Allein trop aller Berdienste, welche diefer Staatsmann fich früber als Gesandter und als Großbeamter erworben, hatte er nie bei dem Bolfe in Bunft geftanden : fein raubes, unfreundliches, murrifches Benehmen entfremdete ihm die Bergen. Als nun bas Gerucht fich verbreitete, Antonio be Soufa fuche ben Ronig ju bereden, fich feines Bruders ju bemächtigen und ihn ins Gefang. niß zu werfen, entftand unter Abel und Bolf eine große Aufregung. Dan liebte

ben Infanten als ben Retter und Schirmer ber Freiheit, als ben einzigen Sproßling, durch den die Opnaftie erhalten und fortgepflanzt werden tonne. Als nun am Morgen des erften Ottobers Dom Bedro fich aufmachte, um die Berhaftung 1. Dtt. 1007. des ibm verhaßten Minifters bei bem Ronig durchzusegen und die Schlingen, die man ihm legen wolle, ju gerreißen, folgte ihm eine Menge Bolte aller Stande nach bem Schloß und füllte die Bugange, die Bofraume und die Corridore. Der Ronig, in feinem eigenen Schlafgemach überrafcht und wie ein Befangener behanbett, fuate fich willenlos der Gewalt: er entließ Antonio de Soufa und Manuel Antunes, einen aubern Bertrauten aus feinen Diensten: beibe entzogen fich burch nachtliche Flucht dem Bollshaß und hielten fich in der tiefften Berborgenheit.

Run ftand Affonso einsam ba, "jung, untundig ber erften Elemente bes Affonso's menschlichen Biffens, des Lefens und Schreibens, wenig erfahren in den Ge- 1867. icaften, ohne inneren Salt und Stutpuntt, ber Spielball ungezügelter Laune und verwilderter Leidenschaft". Daß ein folder Mann nicht regieren tonne, leuchtete Jedem ein; es handelte fich nur darum, eine Form zu finden, wie er ohne ein Berbrechen beseitigt werben tonne. Die Cortes wollte er nicht einberufen, aus Furcht, fie mochten feine Absetung aussprechen; ber Borichlag bes Staatsraths, Affonso gleichsam unter Bormundschaft zu segen, ihm ben Titel und die Insignien eines Ronigs zu laffen, die Regierung felbst aber ber Ronigin und dem Infanten au übertragen, beleidigte feinen Golg und Berricberduntel. Als jedoch die Konigin in das Rlofter Esperança flüchtete und die Absicht zu ertennen gab, mit ihrem Beirathegut in ihr Baterland gurudzufehren, ba bie Che mit Affonso nie vollzogen worden sei, so tam der Staatsstreich zur Ausführung. Am 23. Robember 1667 begab fich ber Infant begleitet bon bem Staaterathe, ben Stadtbeborben und einer großen Bolleinenge nach bein Palafte und nothigte den Bruder die mitgebrachte Abdicationsurfunde zu unterzeichnen. 23. 9000. Die Cortes, die ju Anfang bes neuen Jahres fich verfammelten, gaben ihre Buftimmung zu bem Regierungswechsel; boch follte Bebro bis zum Cobe Affonfo's nur ben Titel "Pring und Governador" führen. Bugleich murbe bie Ronigin von dem bischöflichen Rapitel in Liffabon und von ihrem Dheim, dem papfilicen Legaten in Baris von Ber Che mit Affonso, die nach der Berficherung beider Chegatten niemals vollzogen worden, difpenfirt und zur Eingehung einer andern Beirath für berechtigt erklart. Und nun murde das von langer hand Mary 1868. angelegte Truggewebe ju Ende geführt. Als die Ronigin auf die Auslieferung ihres Beirathegutes brang, um in ihr Baterland gurudgutehren, begaben fich bie Reichsftande und ber Stadtvorftand von Liffabon in bas Rlofter, wo fie noch weilte, um fie zu bitten, bag fie ju bes Landes Bohl und des Reiches Erhaltung ihre Sand bem Infanten Bebro reichen niochte. Sie willigte ein und wenige Tage nach Ausfertigung der Scheidungsurfunde wurde die neue Bermählung in 24-30, mars 1668, der Schloftapelle und barauf bas Beilager in Alcantara gefeiert. Ein papftliches Breve bestätigte bas Geschehene und erklarte die neue Che fur gultig. Ronig

# 308 C. Die pyrendifche und bie apenninifche Salbinfel.

Affonso, der während dieser Borgange im Palast gefangen gehalten war, wurde nach der Insel Terceira geführt; von dort nach mehrjährigem Aufenthalte nach Portugal zueuckgebracht, verlebte er die letzten Sahre in stumpssinniger Muße zu Cintra im alten Königsschloß, bis am 12. Sept. 1683 der Tod seinem elenden Dasein ein Ende machte. Bon dieser Beit an vertauschte Pedro den Thel eines Regenten mit dem eines Königs von Portugal.

### 4. Ausbau des Königthums unter Pedro II.

Geneueruna Die zerrüttete Lage Portugals erfüllte die Castilianer mit neuen Hoffnungen, ber spanische fich des abgefallenen Landes wieder zu bemächtigen. Sollte eine weibliche Refden Rriege. gentichaft, follte ein fast blobfinniger Ronig im Stande fein, den erneuerten Angriffen bet spanischen Beere traftige Gegenwehr zu leiften? Sollte bas von Barteien zerriffene Rouigreich, eine in fich zerfallene Regierung bie unter gunftigen Umftanben erkampfte Unabhangigkeit behaupten konnen? Es war natürlich, bas gleich nach dem Tobe Joãos IV. von Spanien aus fraftige Bersuche gemacht wurden, die Berricaft wieder ju erlangen. Namhafte Streitfrafte wurden um April 1657, Badajog und Olivenza versammelt, Die Ebenen von Memtejo als Rriegsschauplas auserfehen. Schon im Mai wurde Dlivenza von dem unfähigen General Salbanga dem fpanifchen Befehlshaber S. German übergeben, ein Berluft, für ben der portugiefische Keldherr mit Berbannung nach Indien bestraft wurde. Im folgenden Jahr jog fich ber Rrieg um die Festung Elvas jufammen. Gine breimonatliche Belagerung in der Binterzeit war für beide Theile verderblich. Sunger und Seuchen gefellten fich zu ben Gefahren ber Rampfe und minberten die Reihen der Baffentrager innen und außen. Mit ber bedrangten Stadt mar das Schidfal des Reiches berbunden; daber ermannten fich die Portugiefen ju großen Die Bluthe ber Jugend aus bem gangen Reiche, Die Stu-Unftrengungen. birenden bon Coimbra und Evora, stellten fich unter bas nationale Banner. Schlacht bei Diefer Aufschwung trug feine Früchte. In einer blutigen Schlacht im Angeficht 14. 3an. von Elvas trugen die Portugiesen unter Antonio Luiz de Menezes einen glanzenben Sieg davon. Zweitanfend Spanier lagen tobt auf bem Baffenfelbe; noch größer mar die Bahl ber Gefangenen; wie Flüchtlinge zogen die Gefchlagenen

Baterland und Freiheit stritten.

Bortugal Und dennoch war die Unabhängigkeit Portugals gerade damals in der und ber pyres natiche größten Gesahr. Wie viele Mühe sich der portugiesische Gesandte in Paris, Briede. Graf de Soure gab, durch Denkschriften und mundliche Besprechungen den Car-

nach Badajoz zurud. Aber auch die Portugiesen hatten manchen tapfern Kriegs, mann zu betrauern. Es war ein nationaler Kampf ohne fremde Hulfsmannschaften; daher fiel die Baffenehre allein den Portugiesen zu; selbst die Spanier bewunderten die Ansdauer und den Heldenmuth, womit zu gleicher Zeit vor Elvas und in der nördlichen Grenzfestung Moncao die feindlichen Krieger für

binal Mazarin zu bewegen, daß Frankreich bei den Friedenkunterhandlungen mit Spanien auf der Selbständigkeit des befreundeten Königreichs bestehen möchte; er machte mit seinen Borstellungen auf den Cardinal geringen Eindruck: der Phrenäische Kriede wurde abgeschlossen, ohne daß Partugal in den Vertrag auf. 7. Nov. 1859. genommen worden; Frankreich entzog der Regierung in Lissadon jede weitere Kriegshülfe und Unterstüßung und erkannte die volle Souveränetät Philipps IV. in dem gesammten Umsange der spanischen Monarchie an, wie sie nor dem Jahr 1641 bestanden; es schien als ob man in Paris wie in Madrid vergessen habe, daß seit bald zwanzig Jahren ein unabhängiges Königreich Portugal bestand. Kur aus besonderer Kücksicht für den nunnehr besreundeten und verbündeten französischen Har der hersprach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sich mit der Herstlung der ehemaligen Zustände zusrieden zu geben und alles, was seit 1640 in Portugal geschen sei, mit dem Schleier des Vergebens und Vergessens zu bedecken.

So folimm war jedoch die Sache nicht gemeint. Magarin's Sauptanliegen Galtung bes bei Abichlus bes Borenaischen Friedens mar die spanische Seirath zu Stande zu bofes. bringen; als er biefes Biel erreicht hatte, brudte er in Bezug auf die portugiefifchen Angelegenheiten ein Auge zu. Allerdings murden von der frangöfischen Regierung alle Werbungen fur Liffabon unterfagt und die in portugiefischen Diensten stebenden frangofischen Solbaten gur Rudfehr aufgefordert: aber tonnte man denn berbuten, bag Turenne, bag Schomberg, bag Buife und andere Magnaten mit der portugiefischen Gesandschaft freundlichen Bertehr unterhielten, bas gegen fechehundert Offiziere und Ebelleute fich zu bem Grafen von Soure nach Sabre de Grace begaben, bort zu portugiefischen Rriegediensten fich berpflichteten und von freiwilligen Soldaten begleitet unter bem Oberbefehl bes Brafen von Schomberg auf portugiefischen und englischen Schiffen nach Liffabon abfuhren! Bir fonnen boch nicht verhindern, fagte Magarin zu bem fich über on. 1000. Bertragebruch beflagenden fpanischen Befandten, daß ber Marichall von Turenne fich des portugiesischen Sofes annimmt; und mas den General Schomberg betrifft, so ist dieser ein Fremdling, ber auf eigene Sand in Rampf und Rrieg sieht. Sat es nicht von jeher Condottieri gegeben, die als Feldhauptleute bald ba bald dort Baffenthaten ausführten? Unter der Sand begunftigte ber Barifer hof ben Beiratheplan Rarle II. von England mit ber portugiefischen Jufantin Ratharing, um bem Liffaboner Ronigthum englische Gulfe zu verschaffen.

So hatte denn der Waffengang zwischen Spanien und Portugal seinen vortgang Fortgang. Philipp IV. schickte seinen natürlichen Sohn, den kriegskundigen bes Kriegs. Don Juan d'Austria mit einer Armee van 20,000 Mann Kerntruppen nach Badajoz, um von dort aus Portugal zu erobern. Es gelang dem jungen Kriegs-helden sich in den Grenzlaudschaften sestzusehen, die Städte, Felder und Ort. 1861. 1862. schaften von Alemtejo wurden mit grausamer Berwüstung heimgesucht, die weiten Sbenen in Büsteneien verwandelt. Aber er durfte es nicht wagen, nach der hauptstadt vorzudringen, weil der zum Oberfeldherrn ernannte Schomberg ver-

# B10 C. Die pyrenäische und die apenninische Halbinsel.

schanzte Lager bezogen hatte, um die einheimischen Truppen abzuharten und ihre

Bahl zu mehren. Erst im britten Jahr bes Feldzuges, nachdem das spanische Heer mit frischen Zuzügen verstärkt worden, beschloß Don Juan d'Austria einen entscheidenden Plan zu unternehmen. Die wichtige Stadt Evora wurde zu einer mai 1663. wenig ehrenhaften Capitulation gezwungen; seine Borhut bedrohte schon die Harube und Aufregung sich in Bolkstumulten Lust machte. Aber auch dieser Gefahr entging das Königreich. Mit Hülfe des damals allmächtigen Ministers Castello Melhor brachte Schomberg ein namhaftes Heer zusammen, dem der englische König, um der bei seiner Bermählung mit der Infantin Katharina eingegangenen Berpflichtung zu genügen, zweitausend Fußgänger und tausend Keiter nebst zehn Kriegsschissen beifügte. Da die parlamentarischen Bewilligungen nicht hinreichend waren, gewährte Ludwig XIV. heimlich zwei

Shaftacht bei Bon diesem Heer wurden unter Schombergs Oberbefehl die Spanier bei Amerial. 3. Immerial. 4000 Todte deckten das Wassensell, darunter viele Offiziere, noch größer war die Bahl der Gefangenen; Geschütz, Wassen, Kriegskasse und zahlreiche Fahnen und Standarten sielen in die Hande der Sieger, unter denen die Engländer, lauter Beteranen aus

Millionen Livres.

schottischen Garnisonen, sich besonders hervorthaten. Rur entmuthigte Ueberreste konnte ber zurnende Feldherr nach Badajoz zuruckführen. Evora und alle Eroberungen des Jahres gingen wieder verloren. "Durch diese Schlacht wurde dem Braganza das bisher noch wankende Reichsdiadem befestigt." Rein Bunder das die Runde davon in der Hauptstadt mit unermestlichem Jubel vernommen ward. Bon der Zeit an war der Stern der Unabhängigkeit Bortugals im Aufgehen.

Als Schomberg und der Marquez von Marialva kurz vor dem Tode des casti17. Juni lischen Königs Philipp IV. dem spanischen Heere bei Montes claros in der Rähe
von Villa-Biçosa, dem Stammsise der Familie Braganza eine neue große Riederlage beibrachten, war an der dauernden Existenz des Königreichs Portugal
nicht mehr zu zweiseln.

unterhande Der Sieg bei Montes Claros förderte die Friedensverhandlungen, die Briedens bereits in die verschlungene "Irgange der Diplomatie" eingelaufen waren. Seitschlussen. Seinschlussen. Seinschlussen.

nannten Frieden in Liffabon gegen die französische Regierung obwaltete, zu zer21. Mars streuen und ein Bundniß zu Schut und Trut zum Abschluß zu bringen, bas beiden Staaten zum Bortheil gereichte. Denn wir werden balb erfahren, daß nach dem Tode Philipps IV. der König von Frankreich mit Forderungen bervor-

gelang bem gewandten Diplomaten, Die gereigte Stimmung, Die feit bem ge-

trat, die zu einem neuen Rrieg mit Spanien führten. Da war es benn ber Barifer Regierung febr ermunicht, daß fich ber Bof von Liffabon bereit finden ließ, mit ihr Band in Band zu geben, bag Portugal fich im Gegensat zu den Friedensbemühungen des englischen Gefandten Southwell gur Fortfetung des Rrieges gegen Caftilien verpflichtete unter ber Bedingung frangofischer Gulfeleiftung burch Geld und Eruppen. Um die Zeit, ba ber Bring-Regent Bedro nach dem Bunsche ber Ration die Bugel ber Berrichaft ergriff, war Liffabon ber Schauplat aufgeregter biplomatifcher Thatigfeit. Babrend bie Ronigin und Saint-Romain für eine wirtsame Unterftugung Frantreichs durch friegerisches Borgeben gegen Caftilien arbeiteten, suchte der englische Gesandte einen raschen diretten Frieden zwischen ben Rachbarftaaten berbeizuführen, damit die herrschsichtigen Plane des frangöfischen Machthabers burchtreugt wurden. In Madrid, wo jest gleichfalls eine weibliche Regentschaft an ber Spite ber Staatsgeschäfte ftanb, zeigte man fich ben englischen Friedensvorschlagen febr entgegentommend, um mit ungetheilten Rraften fich gegen Frankreich wenden ju tonnen. Auch wirkten mehrere spanische Granden, die bei Montes Claros in portugiesische Gefangenschaft gerathen waren, für das Gelingen von Southwells Bemuhungen. Dennoch mare wohl der Sof von Liffabon in Anbetracht der fruberen Dienste frangofischer Offiziere, insbesondere des Grafen Schomberg mabrend des Unabhangigfeits. frieges, bei bem fo eben abgeschloffenen Bundniß mit Ludwig XIV. beharrt und batte die Geschide des eigenen Landes an die machtige frangofische Monarcie gefnüpft; batte nicht bie Ration felbst fich in energischen Rundgebungen fur ben Brieden ausgesprochen. Die Stadtbehörben von Liffabon, Die Cortes, Die Beift. lichfeit, bie gesammte öffentliche Meinung brangen barauf, bag man bie gunftigen Umftande jum Abichluß eines bauernden Abtommens benute, welches ber Rriegs. noth ein Ende machen und die Unabhängigfeit bes Reiches ficher ftellen wurde. Auch der Staatsrath trat Dieser Ansicht bei und ersuchte den Bring-Regenten, Bevollmächtigte gur Aufrichtung bes Friedens mit Spanien gu ernennen. Go wurde am 13. Februar 1668 ber Bertrag von Liffabon abgeschloffen, durch 13. Bebr. welchen Bortugal als unabhangiges fouveranes Ronigreich von Spanien anerfannt ward. Bwifden beiden Staaten follte Frieden und Freundschaft befteben, die Grenzen und auswärtigen Befitungen follten nach dem thatfachlichen Beftand fefigefest werden und der Ronig von England als Bermittler und Friedensstifter ben Bollaug ber Artitel gewährleiften. Rur Ceuta blieb im Befit bon Spanien und Tanger war schon in dem Checontratt mit Ronig Rarl II. an England überlaffen worden. Im folgenden Sahr wurde auch nach langen Unterhand- 81. Juli lungen und vielen Streitigfeiten zwischen Bortugal und ben niederlandischen Generalftaaten eine Bereinbarung getroffen, traft deren die Republik gegen Entfcabigung und mancherlei Sandelsvortheile und Gegengewährungen ben Bortugiefen ben vollen Besit von Brafilien und ben Reft ber oftindischen Colonien auficherte.

# 312 C. Die phrenaifche und bie apenninifche Salbinfel.

Betro als So war denn die Existenz ver stungenschaft der Selbskändigkeit war das Resultat gent 1867 Zukunft sicher gestellt. Die Errungenschaft der Selbskändigkeit war das Resultat Standen und Bortführern. Rur bem patriotifden Auffowung und bem Bufanrmenwirten aller Rrafte im Felbe wie im inneren Staatsleben war ber große Erfolg, war bie Brundung eines freien unabhangigen Staats ju banten, nicht der genialen Rraft ober bem energischen Chrgeize eines Ginzelnen. Dadurch wurde die gange Ration, insbefondere die leitenden Organe von einem Selbftgefühl, bon einem Bewußtsein ber eigenen Bedeutung erfüllt, bag ber Staat mehr einem Gemeinwefen mit einer felbftgeschaffenen Regierung als einer Monarchie glich. Bie follte auch bei ber Entzweiung und Parteiung in ber toniglichen Familie und unter den berrichenden Berfonlichkeiten eine ftarte Autorität fich ausbilben können? Der englische Gesandte, Sir Robert Southwell brudt in einem Briefe an den Staatssecretar Lord Barlington feine Berwunderung aus, bag bas portugiefische Bolt so wenig Gehorsam und Unterwürfigkeit gegen Gefet und Obrigteit zeige, und die Ronigin entschuldigt ben Pring-Regenten Bebro bei Ludwig XIV. wegen Abschließung bes spanischen Friedens mit ber Bemertung, derfelbe habe nicht anders handeln konnen, weil feine Dacht zu schwach fei und die Stände alle Bewalt an fich geriffen hatten. Auch nach Berftellung des Friedens tonnte der Regent wenig für die Stärfung der monarchischen Autorität thun; benn war nicht ber legitime König Affonso noch am Leben und townte ibm als Schreckbild entgegengehalten werden? Die Bolksqunft ift ein wanbelbares Befen, um fo unzuverläffiger, je mehr fie durch Rachgiebigkeit und Schmeichelei gewonnen und erhalten werben muß. Go ftand die Staategewalt wie ein fcmankendes Rohr den Lannen und Leidenschaften des Bolkes, den Anmagungen und Uebergriffen ber Beiftlichfeit und ber Stande, ben Intriguen bes Auslandes machtlos gegenüber.

Regierung
und Geißt. Durch die geschäftige Ehätigkeit des klugen und gewandten Paters Antonio Bieira, der
sicheit. Durch die geschäftige Ehätigkeit des klugen und gewandten Paters Antonio Bieira, der
siche einer Anklage des heil. Officiums in Lissaben durch die Flucht nach Kom entzog,
wurde der papstliche Stuhl bewogen, für die Bäter der Gesellschaft Iesu Partei zu
nehmen: er sanktionirte ein auf Anregung des Beichtvaters Dom Pedros und eines
Iesulten-Prodinzials erlassens Edikt der Regentschaft, kraft dessen die "Reuchristen" oder
heimlichen Iuden nicht ferner durch die Inquisition bedrängt oder verfolgt werden sollten.
Es war kein Geheimnis, das sowohl das Solikt als die Bestätigung durch namhaste
Gelbsummen von Seiten der vortugiessschaft ausbenschaft erzielt worden war. Die In-

Selbsummen von Seiten der portugiefischen Judenschaft erzielt worden war. Die Inquisition wollte sich diese Beschränkung ihrer bisherigen Gewalt nicht gefallen lassen; und da das portugiesische Bolt theils aus alter Gewohnheit theils aus has gegen die Juden auf Seiten des heiligen Gerichtshoses stand, der papkliche Stuhl ohnedies wegen seiner Parteilichkeit für den castilischen Hof und seiner eigenmächtigen Eingriffe in die nationalen Rechte bei den geistlichen und den weltlichen Ständen unbeliebt geworden 1674. war, so sand die neue Berordnung heftigen Widerstand. Tumultuarische Australte

unterftusten die Opposition ber Bifcofe und ber Cortes. Boltshaufen burchzogen bie

Stadt mit bem Ruf: "Ge lebe Konig Affonfo! Tob ben Juben und Berrathern!" Anondme Schmabichriften mehrten die Aufregung, bis bas Toleranzeditt widerrufen und durch ein papftliches Breve die Birtfamteit der Inquifitionsgerichte hergestellt ward.

In der bewegten Beit der fiebengiger Sahre, als durch ben herricherftolg Bortngals Ludwigs XIV. gang Europa unter die Baffen gerufen wurde, war Liffabon gegenaber ein hauptheerd politischer Intriguen und biplomatischer Thatigkeit. Spanien, u. Spanien. Frantreich, England bemubten fich um die Bette, Die portugiefische Regierung ju Bundniffen zu bewegen. Ludwig XIV. hatte einflugreiche Alliirte an den Befuiten und an den gabireichen frangöfischen Damen, welche in Die Familien bes bochften Abels verbeirathet waren; und auch die Rönigin Marie Francisca und ihr Gemahl Bedro neigten zu Frankreich; aber die Furcht vor den Intriguen des spanischen hofes, der fich auf die klerikalen und popularen Sympathien ftugen und leicht eine Begenrevolution ju Gunften Affonso's bervorrufen tonnte, nothigte ibn, mit feinen Reigungen gurudzuhalten und vor Allem die Bunfche der Ration und der Cortes zu beachten. Diefe waren aber auf Reutralität und Frieden gerichtet : Rur durch eine parteilofe Saltung in dem Beltkampfe tonne Bortugal Beit und Muße gewinnen, fein Staatsleben zu ordnen und auszubauen, die Bunben, die ber Rrieg geschlagen, ju beilen, die Autoritat ber Rrone und die Berrichaft ber Gefete ju traftigen. Der Ronigin, Die mit ihrem Bergen ftets an Franfreich bing und auf ihren Gemahl und die Regierung immer einen enticheibenden Ginfluß übte, war biefe gurudhaltende Bolitit teineswegs nach bem Sinne; allein durch ein gewagtes Eingreifen gegen die Stimme des Landes hatte fie leicht die portugiefische Krone ihrer Opnaftie aufs Neue gefährden kommen. Sie beanuate fich daber, in Briefen ihre Chrfurcht und Reigung für Ludwig XIV. auszusprechen und bem frangofischen Gefandten Saint-Romain bei jeber Belegenbeit ihre Gunft zu erweisen. Erft bei ihrem Sobe, ber brei Monate nach bem 27. Derbr. des gefangenen Affonso eintrat, verschwand das Uebergewicht Frankeichs in Liffabon. Der neue Ronig Bedro II., nicht langer durch die Gurcht bor bem Bebro II. als toniglichen Bruder bemrubigt, naberte fich wieder bem fpanisch-ofterreichischen -1708. Bericherhaufe. Er gerriß die Bande, die man ihm durch einen neuen frangofischen Chebund anlegen wollte, und vermählte fich, nachdem er über brei Jahre die beingegangene Gattin betrauert hatte, mit ber Bringeffin Daria Sophie bon Bfalge Reuburg, aus einem ber habsburgischen Dynastie befreundeten Sause. Als ber ipanische Erbfolgetrieg ausbrach, war die Allianz von Portugal von großer Bedeutung, daher war die Resideng in Liffabon ber Schauplat eifriger Bewerbungen und beftiger Intriguen. Ronig Bebro fuchte lange feine neutrale Stellung ju behaupten; erft nach vielen diplomatischen Gangen trat er auf die Seite der Begner Frankreichs. Seit dem Tode Affonso's tonnte Bedro II. mit mehr Muth und Erfolg an die Rraftigung bes Thrones Sand anlegen. Die Beit neigte bem Absolutismus zu; follte das monarchische Prinzip nicht auch in Portugal schärfer ausgeprägt werden? Die Cortes, die während der Revolution und der darquf

# 314 C. Die pprenaische und bie apenninische Salbinfel.

folgenden Kämpfe und Stürme große Macht erlangt und häufig genug der Politit und Berwaltung die entscheidende Richtung gegeben, wurden nun bald dem Fürstenhaus Braganza beschwerlich. Ihre Einberufung unterblieb allmählich, 3000 V. 1705 und Pedro's Nachfolger João V. regierte wie ein Herr, "der von Gott und Rechtswegen König ist".

#### 5. Spanien unter König Karl II.

Die Regents Am 15. September 1665 ging König Philipp IV. von Spanien aus der fcaft. 1665 —1675. **Belt.** Seine zweite Gemablin Maria Anna von Desterreich, Schwefter bes 6. Nov. 1661. Raifers Leopold, hatte ihm nach langer unfruchtbarer Che einen Infanten geboren, der bei dem Tode des Baters erft im vierten Jahre ftand, und korperlich Rarl II. 1865 wie geistig gang unentwidelt war. Der neue Konig Karl II., bas fcmachste Reis bes Sabsburger Stammes auf bem Berricherthron in Mabrid, follte nach Philippe IV. Anordnung bis ju feiner Bolljährigfeit unter ber Bormundichaft feiner Mutter fteben und diefer ein Regentschafterath von feche Mitgliedern bei geordnet fein, die ber verftorbene Ronig felbst in feinem Testamente ernannt batte. Als aber Maria Anna ihrem Beichtvater, einem Jefuiten aus Defterreich, Johann Cberhard Reidhard, der sie bei ihrer Bermählung nach Spanien begleitet hatte, ihr ganges Bertrauen gumanbte, ibm die Stelle eines Großinguifitors ertheilte und in ben wichtigften Staatsgeschaften fich ganglich von ihm leiten ließ, ohne bie übrigen Regentschafterathe beizuziehen oder auf ihre Unfichten und Butachten Rudficht zu nehmen; ba regte fich in ber Bruft ber fpanischen Granden ber Rationalftola und das Gefühl ungerechter Burudfepung. Es bildete fich eine patriotische Bartei, an ihrer Spige ber als Feldherr und Staatsmann gefeierte Infant Don Juan d'Auftria, der anerkannte und begunftigte Rebenfohn Philipps IV. und der schönen Schauspielerin Maria Calderon, eine Partei, welche bem Frauen- und Jesuitenregiment scharfe Opposition machte. Die friegerischen Berwickelungen mit Frankreich, die wir im nachsten Abschnitt werben tennen lernen, die neuen Baffengange in Portugal, die schwierige Lage des spanischen Reiches gegenüber bem eigenmächtigen ehrfüchtigen Monarchen in Baris mußten, ba fie bem fpanischen Staate nur Unfalle und Laften eintrugen, ben Unwillen Reibbard bes eingebornen Abels gegen ben Gunftling vermehren. Don Buan, ber auf dat Berücht, daß man ihn in Segovia in Gewahrsam bringen wolle, nach Catalonien entflob, stellte endlich ber Ronigin-Regentin die allgemeine Unzufriedenheit ber Ration und die brobende Stimmung fo nachdrudlich vor Augen, bag fich Maria Unna genothigt fab, ben geiftlichen Rathgeber zu entlaffen. Reidhard begab fic nach Rom, wo er burch ben Ginfluß feiner Bebieterin jum Cardinal erhoben, Schriften zu Gunften bes Dogma von der unbeflecten Empfangniß der Gottes. mutter verfaßte, von Papft Clemens X. und Innocenz XI. begunftigt, aber pon bem fpanischen Sag bis zu feinem Tob (1680) verfolgt.

Und allerdings war dazu Beranlaffung vorhanden. Denn wie einst Mazarin Die Konigins Mutter unb von Roln aus Frankreich fortregierte, fo ubte auch Reibhard nach wie bor auf Don Buan die Ronigin Mutter ben größten Ginfluß; fie unterhielt durch ben Gebeimschreiber Balenguela, bem' fie jest gum neuen Berdruß ber fpanifchen Eblen die Leitung ber Staatsgeschäfte in die Sand gab, mit dem abwesenden Cardinal eine lebhafte Correspondenz. Don Juan vermochte weder bei der Regierung noch im Felde eine Berwendung zu erlangen, die feinen Anspruchen und feinem Chrgeize genügt hatte. Seine Ernennung zum Bicekonig von Aragonien konnte eber als eine ehrenvolle Berbannung, benn als eine Auszeichnung betrachtet werben. So verzehrte ber Mann, ber wenn auch ohne hervorragende Talente boch die Bunfche und hoffnungen der Ration in fich bereinigte und ichon als eingeborner Grande der Liebling des spanischen Abels und Boltes mar, seine besten Rrafte in untergeordneten Stellungen, während die Ronigin Mutter, auch nachdem Rarl II. die Jahre ber Mundigfeit erreicht hatte, ben bochften Cinfluß auf die Staatsgeschäfte und die Politit übte. Denn ber junge Ronig, unter weiblicher Umgebung berangewachsen, bon Ratur frantlich, burch mangelhafte Erziehung vergartelt und auch geiftig vermahrloft, zeigte wenig Rraft und Fähigkeit für bas hohe herrscheramt, zu dem ihn die Geburt berufen. Seine Gefundheit mar fo wechselnd, daß man fich zulest gang baran gewöhnte, ihn bald am Rande bes Grabes, bald turz nachher eifrig ber Jagd und den anftrengenoften Prozefsionen obliegen ju feben. Der melancholische Ausbruck feines Ungefichtes verrieth bie leidensvolle Conftitution feines Rorpers, Die Stumpfheit und Leere feines Geiftes. Ohne alle Lebensfrische und höhere Interessen verbrachte er seine Tage in dem todtenden Ginerlei der Hofetikette und unter ftrenger Beobachtung der Religionevoridriften. Gutmuthig, leutselig und freundlich gegen Jebermann war er bei dem fpanifchen Bolte fehr beliebt; aber unfabig gur Arbeit und ohne Urtheil in ben Angelegenheiten des Staats, war er ganglich von fremder Leitung abhangig. Einmal gelang es ber baterlandifchen Partei, bein Ronig die Augen ju öffnen über die unwürdige Stellung, die er unter bem weiblichen Regimente einnahm. Durch eine Art Balaftrevolution wurde die Ronigin Mutter und ihr Gunftling Balenquela bom Sofe entfernt und Don Juan d'Auftria bon feinem königlichen Salbbruder an die Spipe des Ministerrathes gestellt. Aber nun zeigte es fich, daß die Gaben des Infanten nicht fo bedeutend waren, wie feine Berehrer fie geschätt hatten, oder daß seine Lebenstraft frühe abgenommen hatte; er war ber Laft ber Geschäfte nicht mehr gewachsen und fant nach einigen Jahren ins Triumphirend fehrte nun die Ronigin Mutter aus bem Rlofter bon 17. Sept. Toledo, wohin fie durch Juan verwiesen worden, wieder an den hof jurud, um ihr Intriguenspiel im Intereffe Defterreichs bon Neuem zu beginnen. Der Infant erlebte nicht einmal mehr die Ankunft ber frangofischen Braut des Ronigs, ber jugendlich schönen Marie Louise von Orleans, der Richte Ludwigs XIV., durch

# 316 C. Die pprenaifche und bie apenuinifche Salbinfel.

welche er seinen Salbbruder van dem österreichischen Ginfluß zu befreien gehofft hatte.

Ronigreich Dan Juans Rachfolger im Ministerium war ber Bergog von Meding Celi. u. fof unter Rarl II. Und fast war es gleichgültig, wer an bas Staatsruber tam, benn an eine eingreifende Reformthätigleit war nicht zu benten. "Das allgemeine Glend in Caftilien war ju groß, das Regierungs-Spftem ju gerruttet, als daß irgend Ein Mann hatte helfen konnen". Bei jeder Beranderung handelte es fich nur um einen Bechsel der Hofparteien; die Regierung hatte tein anderes Biel, feine andere Aufgabe, als das morfche Reich vor ganglichem Busammenbrechen zu bewahren. Der spanische Staat frankte an tieswurzelnden unheilbaren llebeln. Der Geldmangel mar aufs Sochste gestiegen; die Regierung im Innern wie in den Rolonien ohne Rraft und Ansehen, und dabei ein eroberungssüchtiger Monarch auf Frankreichs Thron, der in den drei Kriegen, die wir bald näher kennen lernen werden, eine Strede Landes nach ber andern von dem fpanischen Reiche losrif, und ichon mabrend ber Regierungszeit bes ichmachen Rael II., beffen frühzeitigen hingang man mit Sicherheit erwarten konnte, Borbereitungen traf, ben Thron in Madrid deveinst an sein eigenes Haus zu bringen. Als fich das spanische Cabinet zur Theilnahme an dem zweiten Axieg der europäischen Mächte gegen Ludwig XIV. genothigt fah, war ber Staatshaushalt in ber größten Berruttung. "Man konnte bie laufenden Bedurfniffe ohne Gelbanleiben nicht bestreiten, und Gelb erhielt die Regierung taum ju fünfzehn Procent". Armee war in dem elendesten Bustande. In Banden vereinigt, schreibt ein frangöfischer Augenzeuge, durchziehen die Soldaten die Propingen und fordern auf ben Landstraßen Almosen von den Borübergebenden oder suchen die Rlöster beim: die Festungen sind ohne hinreichende Garnisonen und Bertheidigungsmittel. -In Bestindien und Amerita vereinigten fich die Buccaniers, Flüchtlinge und Musmanberer aller Nationen, zu einer Biratengenoffenschaft, welche Stabte wie Bortobello und Banama in Befit nahm und zu einem felbständigen wehrhaften Gemeinwesen fich ausbildete. Wie fehr immer der einfichtsvolle und thatkraftige Graf von Oropeza, ber nach Medina Celi ben Borfitz im Ministerium führte, bemüht mar, die verzweifelte Kinanglage zu beffern, indem er einen fortbauernden Munafuß einführte, eine Menge nuplofer und überfluffiger Stellen aufhob, in bem öffentlichen Saushalt einige Ordnung berzustellen suchte; bem spanischen Staat war nicht mehr zu helfen; die Weltherrichaft der Sabsburger in bem Phrendenreich ging bem Ende entgegen, Spaniens Rolle in dem Drama der Beltgeschichte war ausgespielt. Die feurige und frohfinnige junge Königin berlebte, trop der großen Buneigung ihres Gemahls, trube Tage an dem langweiligen einformigen Bofe, bon ben öfterreichischen Barteigenaffen gehaßt und geläftert, von boshaften Intriquen umftridt. Mit bochfter Spannung exwartete bas Land einen Throperben; denn wenn die spanisch-habsburgische Opnastie ausstarb, so war die Succession in Frage gestellt und große Verwirrungen standen in Ausficht. Gine Theilung bes Reichs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Defterreich war ber Ration ein unerträglicher Gebante. Satten boch icon bie alten caftilifchen Gesehe Alfonfo's X, die in der Folge auf die ganze Monardie ausgedehnt wurden, die Untheilbarteit bes Reiches fesigestellt und beshalb in Ermangelung mannlicher Erben bas Succeffionsrecht ber Tochter eingeraumt. Aber Maria Louise, beren Antunft man mit bem Boltsfeste einer Jubenverbrennung gefeiert, ging tinberlos aus ber Belt, jum großen Schmerz bes Bolles. Dan trug fich 1889. mit finftern Gerüchten, ihre Unfruchtbarteit fei burch funftliche Mittel berbeigeführt worben, die eine treulofe, von der Gegenpartei ertaufte hofdienerin der Königin beigebracht. Im nachsten Jahre folof Rarl eine zweite Che mit Maria 1690. Anna von Pfalg-Reuburg, Schwefter ber britten Gemablin Raifer Leopolde unb ber Ronigin bon Portugal, einer ftolgen felbftbewußten Frau bon Berftanb, Bilbung und leibenschaftlichem Befen. Run traten die frangofischen Sympathien, die eine Beitlang vorgewaltet hatten, wieber mehr gurud und die hinneigungen an bem verwandten Sofe in Bien und au bem Rurfürsten Max Emanuel von Babern erlangten bas Uebergewicht. Doch auch die zweite Gemablin gebar bem Somadling teine Rinder. Be mehr aber bie Hoffnung auf Rachtommenfchaft babinfcwand, besto brennender murbe die Frage über die tunftige Succeffion in Spanien. Jahrelang beschäftigte man fich an ben Gofen und in ber Diplomatie aufs Angelegentlichste mit ber in Aussicht stebenden Erledigung bes Thrones in Madrid; aund noch bei Lebzeiten Karls II. wurden die Berhandlungen, Intriguen und Alliangen eingeleitet, bie nach feinem Tob ben fpanischen Erbfolgefrieg und bie donaftische Beranderung in ber Salbinfel berbeiführten. Ohne alle Rudficht auf ben Billen ber Nation und auf bie alten Reichegesete, ja felbft ohne Biffen und Mitwirtung bes Konigs ichloffen die Cabinete Erbichafts. und Theilungsverträge über die fvanische Thronfolge. Die ganze europäische Bolitit bewegte fich um ben hochwichtigen "großen Fall", ber endlich mit bem neuen Jahrhundert eintrat. Das Sabsburgische Saus ging in Spanien wie ein Schatten vorüber. "Trage und fraftlos, unfabig fich zu geistiger Thatigkeit wie zu geiftigen Genuffen zu erheben, faß Rarl II. auf bem Throne von Mabrid, der umleuchtet von den Flammen des letzten Auto da Te unter ibm aufammenbrach." Die spanisch-habsburgische Beltmonarchie hatte fortan nur noch in ber geschichtlichen Bergangenheit eine Stelle.

#### II. Stalien und Sicilien.

### 1. Die großmächte und der Kirchenstnat.

Wenn bas Stamm- und Sauptland ber fpanifch-habsburgifchen Monarchie Boliniche unter bem vierten Philipp immer mehr in Verfall gerieth, wie mußten erft bie italienischen Rebenlander beruntertommen, welche ber König nie besuchte, die nur

bestimmt waren, dem spanischen Abel Aemter und Gintunfte zu liefern und die leeren Raffen in Dabrid zu fullen? Wenn fich bennoch in Mailand, in Reapel, auf Sieilien und Sardinien bas gange Jahrhundert hindurch bie fvanische Berr-Schaft erhielt, ja noch immer eine bominirende Stellung in bein Apenninenlande behauptete, so lag die Ursache davon weniger in der eigenen Kraft als in der staatlichen Berrissenheit und den verlotterten Bustanden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in Italien. Bir haben im vorigen Bande an verschiedenen Orten die politische und fociale Lage ber Salbinfel im Anfang bes fiebenzehnten Sahrhunderts tennen gelernt, bes Rirchenstaats (S. 79-83), bes Königreichs Reapel und Sicilien und des Herzogthums Mailand (S. 97-104), sowie der übrigen Staaten und Obnaftien in ben oberen und mittleren Landschaften (S. 305-331). Diefe Berbrodelung bes öffentlichen Lebens, die vielgetheilten Intereffen, die burch Traditionen, durch perfonliche und verwandtichaftliche Bande genährten Sompathien und Antipathien ber fürstlichen Familien gaben bem fpanisch-ofterreichifchen Hause die Möglichkeit an die Sand, in allen Landestheilen einflugreiche Berbindungen zu fnüpfen und zu erhalten, bei allen politischen Berwickelungen Coalitionen zu seinen Gunften zu Stande zu bringen. Die Beziehungen zum Rirchenftaat Rom waren freilich nicht immer gleich freundschaftlich und gleich gunftig für das Sabsburger Berricherhaus, da bei bem häufigen Bechsel bes Bontificats und bem bamit verbundenen Emportommen neuer Repotenfamilien auch die politischen Spsteme im Batican burch personliche Reigungen und Ginflüffe bald nach diefer balb nach jener Seite gelenkt murben. Wir wiffen, wie fcproff ber urban VIII. willenstraftige Papft Urban VIII. Partei nahm gegen die öfterreichisch-fpanifche 1623-1644

Politik in dem Augenblick, da Kaiser Ferdinand II. Alles einsetze, dem Katholicismus die Alleinherrschaft in Europa zu verschaffen, und das Madrider Cabinet dem Berwandten in Bien eifrig zur Seite stand (XI, 81 f.); wie dagegen der Index—55. papskliche Stuhl unter ihm und seinen drei nächsten Rachfolgern (Innocenz X; Alexans Alexander VII. (Chigi), Clemens IX. (Rospigliosi)) bei der Losreisung Border VII. 1865. Cle tugals von der spanischen Monarchie sich für das legitime Necht Philipps IV.

di Stato), worin die Häupter und Glieder der fürstlichen Repotenfamilien die entscheidende Stimme führten, wurden die politischen Angelegenheiten aus einem von den kirchlichen Interessen mehr unabhängigen Gesichtspunkte behandelt. Eben so werden wir im folgenden Abschnitt erfahren, wie wenig das Pontisicat sich durch seine Spunyathien für Frankreich abhalten ließ, gegen die Uebergriffe Lud

Clemens X. wigs XIV. energische Sinsprache zu erheben, daß sowohl Clemens X. als der 1670—76. Itrenge Innocenz XI. gegen den Gewaltherrscher und den gesammten französischen 1876—89. Rlerus einen Kampf eingingen, der die gallicanische Kirche an den Rand eines Schisma führte und zwar zu einer Zeit, da dieser Monarch wegen Widerrufung des Schiks von Kantes von der ganzen katholischen Welt als Bezwinger der

Alexan, des Editts von Nantes von der ganzen tatholischen Weit als Bezwinger ber VIII. Regerei geseiert ward. Erst dem Benetianer Ottoboni, der als Alexander VIII.

ben papftlichen Stuhl bestieg, und mehr noch bem wohlgesinnten friedfertigen Reapolitaner Antonio Bignatelli, befannt unter dem Bapftnamen Innocenz XII. 3nnogelang es, die Zwiftigkeiten mit Frankreich burch einen Ausgleich zu beenbigen. 1891—1700.

Und in bemfelben Berbaltniß wie die politische Machtstellung bes Papft- Repotismus thums unter ben veranderten Beitrichtungen im Riedergang mar, der baticanische bof auf gleiche Linie mit ben weltlichen Fürftenbofen Europa's fich gestellt fab, gerieth auch das römische Staatswesen und die um das Bontificat geschaarte aristofratische Gesellschaft auf Abwege, die bem Berfall entgegenführten. Der Kirchenstaat trankte an unbeilbaren Bunden, die das geistliche Regiment bem Boblftand, ber Freiheit und der Thatigfeit ber Einwohner ichlug. In der Regel befliegen nur Cardinale den romischen Stuhl, die den großen Familien Italiens angehörten und fein eifrigeres Unliegen batten, als burch parteiifche Begunftigung ihrer Bermandten, durch Repotismus, wie man diefe tranthafte Erfcheinung nannte, einzelne Glieder und Zweige diefer Familien im Rirchenftaat zu Macht, Einfluß und Reichthum ju erheben. In ben Staatsgeschäften ber romischen Bralatur ergraut, vermochten die geiftlichen Berricher nicht in der Beurtheilung ber Beitereigniffe fich auf einen höheren Standpunkt empor ju schwingen. Das papftliche Gebiet mit feinen firchlichen Afplen mar die Bufluchtsftatte aller Banbiten und Meuchelmörder; die Repoten felbft, insbesondere die Barberini bedienten fich ihrer in ihren Familienfehden. Gine beimtudische treulose Politit, beren Bertzeug Gift und Dolch mar, hatte in Rom ihren Sig.

Am grellften traten diefe Difftande in dem erwähnten "Rrieg von Caftro" hervor Der Rrieg (XI, 82), durch welchen die Barberini und ihr papftlicher Gonner bem Bergog Dooardo n. bie Farnef. bon Barma die herrichaft Caftro entreißen wollten. Rach einem zweijabrigen berbee- von Barma. renden und wechselvollen Rrieg, der borzugsweise von Banditenschaaren unter berwilberten, graufamen Sauptlingen geführt ward und nur Grauel und Bermuftung, teine einzige That des Ruhmes und der Chre ju Tage forderte, wurde durch die Einmischung und Bermittelung von Benedig, Toscana, Modena ein Abtommen getroffen, burch welches Oboardo im Befit feines gangen Territoriums verblieb und bon bem Banne Mai 1644. befreit ward. Alle italienischen Staaten hatten ein Intereffe, daß in jener vielbewegten Beit nicht auch die Salbinfel wieder von Baffengerausch erfüllt, daß durch energische Burudweisung ber romischen Anmagungen ber unfelige Rrieg beendigt murde, ebe bie Grosmachte durch lebhaftere Betheiligung bemfelben eine weitere Bedeutung und Ausdehnung ju geben vermöchten. Die Bermendung Frantreichs und Magarin's Gunft für die Barberini tonnte nicht verhindern, daß Antonio, der hauptanftifter der triegerifden Unruhen, nach dem Tode Urbans VIII. gerichtlich verfolgt ward. Rach Odoardo's 12. Sept. Lod folgte fein Sohn Ranuccio . in der Regierung von Parma. Unter ihm wurde die Berricaft Caftro querft berpfandet, bann an den Rirchenftaat abgetreten. Sie follte römisches Rammergut bleiben, das niemals veräußert werden durfte. Als Ranuccio im 3. 1694 ftarb, ging das Saus Farnese dem Aussterben entgegen. Sein Entel 1694. Antonio mar der lette mannliche Sproffe. Dann tam bas Bergogthum, wie uns fpater bekannt werden wird, durch Antonio's Tante Elifabeth von Spanien an die Bourbonifche Dynaftie. -

Birthfcaft

Die Papfte des siebzehnten Sahrhunderts hielten fich mohl frei von den lider Bers Baftern und Gehlern, die so manchem ihrer Borganger anhafteten, aber fie waren Reale. auch nicht groß im Guten. Der Staatshaushalt wurde immer verwierter, die Gier nach Gelb und Reichthum warb gur Leibenschaft; ber Ginn ber boberen Befellicaft war nur auf Genus, auf Prachtentfaltung, auf Berichmendung gerichtet. Um diese Triebe zu befriedigen wurden alle jene bedenklichen Mittel in Unwendung gebracht, die jedes Gemeinwefen dem unfehlbaren Berfall entgegentreiben: Auleihen zu Wucherzinsen; Stellen- und Pfrundenhandel; Monopole; Auflagen auf die nothwendigften Lebensbedürfniffe, auf Getreibe, Del, Fleifc u. A. Die Migbräuche mit den Luoghi di Monte, schon lange der Krebsschaden der Finanzverwaltung, dauerten fort und erreichten immer größere Dimenfionen; die Bermögensschaft ber vornehmen Familien wurde unsolid und mandelbar; ber Bauernstand verarmte; ber Anbau ber Felder nahm ab, die Baume und Baldungen in ber Umgebung ber Stadt wurden gefällt, wodurch bie Campagna verobete ohne bag ber Bwed, ben Banditen die Schlupfwinkel zu entziehen, erzielt worden ware; die fclechte Luft fturzte gange Generationen ins Grab. Die Bebrudung und Uebervortheilung der Armen und Geringen durch gewinnfuchtige und bestechliche Beamten und Richter, burch Bfandungen und Erecutionen, durch Auflagen und wucherische Marktwreise ging so weit, das Cardinal Sacchetti in einer an ben Papft gerichteten Dentschrift die Leiben bes romifchen Bolts mit ben Qualen ber Bebraer in Meghpten vergleicht: Unterthanen bes papftlichen Stubles wurden unmenschlicher behandelt als die Sclaven in Sprien oder in Afrita. Ber tonnte es ohne Thranen vernehmen!

Die papfte

Auch das firchliche Ansehen ber Curie und bes Pontificats war im Abnehtat im Ab- men, wenn gleich hie und ba der Befehrungseifer und die leberredungstunfte einer thatigen Propaganda, ober ber Fanatismus eines bespotischen Machthabers bem Romanismus einige abgefallene Glieber wieber zuführte. Der Rachfolger bes gehnten Innoceng, welcher ben weftfalifchen Frieden verdaminte (XI, 1014), Alexander VII. hatte ben Triumph, die geiftreiche Tochter Guftav Abolfs von Schweden auf bem Capitol zu empfangen; aber die Ideen der religiösen Tolerang schlugen bennoch feste Burgeln in dem europäischen Boden; sogar der Rirchenftaat erzitterte vor den Galeeren, die in Cromwells Dienft vor Civita vechia freugten. Die mittelalterigen Borftellungen, auf benen bas Pontificat aufgebaut war, wichen mehr und mehr gurud vor ben Strablen moderner Aufflarung: felbit in Italien und in andern tatholifden Landern verobete bas Rlofterleben und die Scholaftit mußte ber freien philosophischen Speculation und dem humanismus den Blat raumen. "Die Summe ift: Jener innere Untrieb, ber fruber Bof und Staat und Rirche beherricht und ihnen ihre ftreng religiofe Saltung gegeben bat, ift erloschen: mit ben Tendengen ber Restauration und Eroberung ift es vorbei: jest machen fich andere Triebe in ben Dingen geltend, die doch

qulett nur auf Macht und Genuß hinauslaufen und das Geiftliche aufs Reue verweltlichen."

#### 2. Das großherzogihum Coscana.

Benn ber Kirchenstaat vermoge der Autoritat, die dem wenn auch im Rebiceische Sinten begriffenen Bontificat in den Augen der tatholischen Belt beiwohnte, zwijchen ber fpanisch-öfterreichischen und ber frangofischen Begemonie noch immer eine gewiffe felbständige Stellung ju behaupten vermochte; fo murben bagegen alle weltlichen Staaten Italiens in eine mehr ober minder icharf ausgepragte Abhangigkeit zu ber einen oder andern dieser Großmachte gebracht. In Toscana, wo die erften Großbergoge aus bem Mediceischen Saufe gleichfalls die Familienpolitif ausgebildet und mit Gefdid genbt hatten, zwifden ber fpanifden und ber frangofischen Partei fich in ber Schwebe zu halten und baburch bem florentinischen Staat Unabhangigfeit und Freiheit des Sandelns, der gesammten Salbinsel ein gewiffes politisches Gleichgewicht zu bewahren, wich Ferdinand II., nach. Berbinand II., nach. Berbinand II. dem er der vormundschaftlichen Regierung entwachsen war (XI, 331), von der traditionellen Staatstunft feiner Borfahren ab, indem er auf Anregung feiner Mutter, der Erzherzogin Maria Magdalena und gewonnen burch schmeichelhafte Chrenzugeftandniffe fich entschieden auf die spanisch-öfterreichische Seite ftellte und ben Beldbedürfniffen des habsburgifchen Saufes mit feinen Schapen ju Sulfe tam. Daburch hatte er die Genugthuung, daß die spanische Großmacht bei jeder Gelegenheit seiner Sitelkeit schmeichelte, ihn mit bem Gelbstgefühl erfüllte, als ob er in ber italienischen Bolitit eine bervorragende Rolle fpiele, und ihn gegen ben Chrgeig und die Annegionegelufte ber Barberini in Schut nahm. Dennoch murben die Aniprüche, die er im Ramen seiner Gemahlin Bittoria della Rovere von Urbino auf diese Berrichaft machte, burch ben papftlichen Stuhl vereitelt, ber Urbino als Richenleben einzog und fich nur zu einer knappen Entschädigung verftand. So tam es, daß unter dem milben und friedliebenden Ferdinand II. das Medicifche Saus und bas Großherzogthum Toscana von der früheren Sobe berab fliegen. Der gefammelte Schatz ging großentheils verloren, als Ferdinand fich gang an die Sabsburger anschloß und die leeren Bande ber Spanier und Desterreicher mit den ersparten und erworbenen Summen seiner Borganger füllte. Die Briesterschaft, die schon unter der vorhergehenden Regierung das geistige und gesellschaftliche Leben in Bucht genommen, erlangte immer mehr Macht und polis tischen Ginfluß, die mittelalterigen Agrarverhaltniffe mit Steuerfreiheit ber abeligen Gutsbefiger und die vertehrten Magregeln ber Regierung in Beziehung auf Kornhandel und Getreidesteuer, verbunden mit Best und Diswachs schlugen dem Bande tiefe Bunden, die auch ber außere Glanz nicht zu verhüllen vermochte. Die Uebertragung ber Herrschaft Pontremoli, eines alten Reichslehens 1650. von Spanien-Defterreich an ben Großbergog um ben Breis einer halben Million

Scudi war ein zweifelhafter Gewinn. Toscana ging feit der Mitte des Jahr-

hunderts demfelben Berfall entgegen, in den schon die meiften übrigen Staaten Italiens gerathen waren. Bie im Rirchenstaat und in Unteritalien trieben aud im Florentiner Großbergogthum Banditenschaaren ungeftort ihr Unwefen und spotteten aller Gesetze und Obrigfeit. Die Anstalten zur Entwäfferung und Cultivirung der Maremmen murden fortgefest, aber die Erfolge standen mit den barauf vertvendeten Roften in teinem Berhaltnis. - Einen Miston in die Sofftimmung brachte die Gemablin des Erbgroßberzogs Cofimo, Margaretha Louise von Orleans. Gegen ihren Willen in das italienische Fürstenhaus verheirathet (1661), bat die lebhafte, ehrgeizige, zu ercentrifchem Befen hinneigende Prinzeffin nie aufgehört, durch Rante und Intriquen den Familienfrieden ju ftoren. Bon ihrem Gemahle lieblos behandelt und hinter Mutter und Großmutter zuruchgefest, fühlte fie fich in ihrem Stolze verlest und ließ ihrem Unmuth und Berdruf freien Lauf. Aus Abneigung gegen die Opnastie wollte fie teinen Erben gur Belt bringen und fuchte daber mabrend ihrer Schwangerschaft burch Reiten und heftige Bewegungen ihre Leibesfrucht zu vernichten. Doch vergebens. Sie gebar zwei Sohne und eine Tochter, aber nach vierzehnjährigem Busammenleben, nachdem ihr Gemahl bereits den florentinischen Thron bestiegen hatte, entfernte fie fich aus Florenz, um nie mehr dahin zurudzukehren. Sie nahm ihren Aufenthalt in dem Rlofter Montmartre bei Paris, wo fie ein Leben in niedriger Sinnen-

Ausgang bes herzoglichen Hof viel Berdruß bereitete. Unter Cosimo III. wurde das GroßMediceischen berzogthum Toscana und das Mediceische Herzogthum auf der abschischingen
Gostmo III.
1670—1723. Bahn rasch weiter getrieben. Bon Monchen und Geistlichen erzogen hielt der neue Fürft die Verherrlichung der Rirche, die Betehrung der Reger und die Bereicherung des Klerus für feine erfte und bochfte Regentenpflicht, neben welcher nur noch die Fürforge für ben Glang des Bofes, für den Prunt ber Mediceifchen Familie, für Festlichkeiten, Gepränge und Theater Interesse zu erregen vermochte. Seine lange Regierung war bas Grab bes florentinischen Bohlftandes. "Man erhob das Geld, das auf unnuge Pracht, auf Stiftung neuer Rlofter und Bensionirung von Profelyten verwandt wurde, durch unerträgliche Abgaben von den Unterthanen, und je weniger bei ber abnehmenden Wohlbabenheit des Landes die alten Steuern abwarfen, befto barter trieb man ihre letten Reste ein und besto gieriger erfand man neue. Alles Gott und der Rirche zu vermeinten Ehren, wie sich auch der Großberzog aus gleicher Absicht in die beiligsten Familienperhältniffe aller seiner Unterthanen mischte! Der Staat seufzte unter einer drudenden Laft von Schulden und aller Wohlstand war vertrodnet. Auch tamen jest ju allen alten schweren Ausgaben noch große Reichssteuern und Rriegsbeitrage hingu, die der Großbergog als Bafall des Reichs entrichten follte, fo febr er auch gegen dieses Berhältniß protestirte." Graf Antonio Caraffa erhob im 3. 1691 eine Contribution von 103,000 Scubi. Man fab wieber bewaffnete Banden

lust führte und durch Rabalen, Schuldenmachen und Berschwendung dem groß:

das Land durchstreifen, beift es bei Reumont: "Es war hungerndes Bauernvoll, das den Ader brach liegen ließ, weil Diswachs, Steuern, Bertaufsverbote, Rrankheiten die Arbeit als vergebliche Dube erscheinen ließen. In Floreng selbst rotteten fich Bolfshaufen bor bem Balaft Bitti jufammen; tumultuirend berlangten fie Arbeit und Brod." Roch foliunmer fah es in ber Berrfcherfamilie aus. Richt nur, daß die frangofische Gemablin in Baris durch ihre fittenlose Lebensweise ihren Stand und ihr Geschlecht icandete, auch ber Erbpring Ferdinand, ohne Reigung für seine Gemahlin, Biolanta Beatrig aus Bayern, die nicht nur ohne torperlice und geiftige Anmuth und ohne Sim und Berftandniß für die feinere florentinische Bildung und Gesellschaft war, sondern auch ohne Kinder blieb, ergab fich einem ausschweifenden Leben und ftarb beim Carneval 30. Dit. in Benedig von einer anftedenden Krantheit ergriffen noch bor dem Bater "an einer verungludten Mercurial-Cur". Mit dem aweiten Sohne Gioban Gafton, der nach Cofimos III. Tod den großherzoglichen Thron bestieg und mit Anna Giovan Maria Francisca von Sachsen-Lauenburg, Bittwe des Pfalzgrafen Philipp von -37. Reuburg, in einer liebeleeren und finderlosen Che lebte, erlosch das Mediceische Baus, deffen lette Sprößlinge fich ihrer großen Ahnen unwürdig gemacht. Das Geschlecht, bas einft eine fo ruhmbolle und glanzende Stelle in ber Geschichte behauptet, in Runft und Biffenschaft fo große Schöpfungen ins Leben gerufen, verschwand wie ein trübes Schattenbild. Bir werden den Ausgang bes Hauses und bie badurch hervorgerufenen politischen und bynaftischen Beranderungen in einem andern Busammenbange erfahren.

#### 8. Ober-Italien.

In Oberitalien war zu Anfang des fiebenzehnten Sahrhunderts der fpanische Matlant Einfluß noch immer vorherrichend. Das Bergogthum Mailand bilbete ein Gebiet, das durch feine gunftige Lage wie durch den Rudhalt, den ihm die Sabsburgifche Großmacht darbot, auf die benachbarten Staaten und Fürstenthümer eine starte Anziehungekraft übte. Richt bloß die Ognaften von Parma und Modena, die Handelsrepublik Lucca u. a., and Savohen und Genua neigten fich zu Spanien. Darum war man in Madrid bemuht, die Statthalterschaft von Mailand meistens folden Männern zu übertragen, die politisch und militarisch bem wichtigen Boften gewachsen waren. Go tam ber alte Fuentes, welcher erklarte, er wünfche fein Leben in Rriegethaten zu endigen, mit unbeschräntter Antorität nach ber Lombardei. Wenn man ihn anwies, einen Theil seiner Truppen zu entlaffen ober nach Flandern zu entfenden, antwortete er hochmuthig, "er wolle auf seine Beise verfahren, wem eine andere beliebe, ber möge bas Amt felbst übernehmen und ihm die Rudtehr gestatten". Auch ber Bergog von Feria, ber zu ber Beit als bie öfterreichisch-spanischen Baffen im breißigiabrinen Kriege bas Uebergewicht batten. das Bergogthum Mailand berwaltete, war ein erfahrener Rriegenamn. Wäre

es damals den Sabsburgern gelungen, im Beltlin festen Auf zu faffen und i Mantua ihre Schutherrichaft aufzurichten; fo wurden die italienischen und di österreichischen Besitzungen in unmittelbare Berbindung gesetzt und die Uebermach bes fpanisch-öfterreichischen Sauses auf beiden Seiten der Alben für lange Beit be festigt worden sein. Darum war es von fo großer Bedeutung, baß fich Richelieu ohne Rudficht auf Religion ber protestantischen Beltliner annahm (S. 28) un in dem "Mantuanischen Erbfolgefrieg" die Anspruche des Berzogs von Songaga Revers zur Geltung brachte (XI, 311, 927, XII, 39). Seitbem gewan: Frankreich, auch ohne unmittelbaren Landbefit, auf die italienische Politik eine entscheidenden Einfluß, zumal da auch die Republik Benedig, so weit die orien talischen Anliegen ihr freie Sand ließen, fich ju ber weftlichen Großmacht bin neigte. Die kleineren Ohnaften, wie die Bergoge von Parma, von Modena u. a standen je nach den persönlichen Interessen und den wechselnden politischen Beit lagen balb auf ber einen, balb auf ber andern Seite. Bon ber größten Bichtigfeit für bie Berbrangung bes spanischen Dominat

Savoven=

und Semua. durch den französischen war der Anschluß des Herzogthums Savopen-Piemon Bictor Amas an den Barifer Sof. Bictor Amadeus, der aus dem Mantuanifchen Erbfolge -1637. streit den größten Theil von Monferrat heimtrug (XI, 311) und fich den Tite "Ronigliche Sobeit" beilegte, war mit einer Tochter Beinrichs IV., Christine vermählt. Bei feinem Sinfcheiben und dem balbigen Tod feines fcmachlicher Erftgebornen Frang Spacinth suchten die Bruder bes Bergogs mit Bulfe bei spanischen Governatore von Mailand die vormundschaftliche Regierung über bei Rart Ema- unmundigen Thronfolger Rarl Emanuel II. an fich zu bringen; aber mit Gulf -1675. des verwandten Hofes behielt Christine die Oberhand. Damit wurde der Grunt zu der Praponderanz Frankreichs in dem wichtigen Alpenlande gelegt, und wem auch ber Berfuch Mazarins, bas Berzogthum in größere Abhangigkeit von den Barifer Cabinet zu bringen, an ber feften mannlichen Saltung ber entschloffene Fürstin scheiterte; so blieb boch bis gegen Ende bes Sahrhunderts Savoyen Biemont ein treuer Allierter Frankreichs. Im Pyrenaischen Frieden erhielt bie festen Plate, die Spanien noch im Befit hatte, gurud. Runmehr ging be

> Jahrzehnte lang der Herzog Sand in Sand mit Ludwig XIV. Durch ben Beff von Cafale und Binerolo hatte der frangöfische Monarch die Alpenpaffe in fein Gewalt und tonnte leicht seinen Machtsprüchen jenseits der Berge mit den Baffe Rachdruck verleihen. Unter diesem Freundschaftsbunde hatte die Republik Gent fcmer zu leiden. Als fie bem Bergroßerungsgeift bes favopifchen Bergog

widerftrebte, der icon jur Beit Richelieus mit frangofischer Sulfe Die Martgra 1624-1631, schaft Buccherello an fich reißen wollte und barum die Genuesen mehrere Sabi lang betriegte, suchte Rarl Emanuel burch Aufftachelung ber inneren 3wietras und Berfcwörungeneigungen bie Burgerschaft zu beunruhigen und zugleich Regierung mit Frankreich zu verfeinden. Der Hochmuth, mit welchem die all Robilität auf ben burgerlichen Raufmannsftand berabfab, gab Beranlaffun

genug zu Zwift und conspiratorifden Umtrieben. Bergebens errichtete man, als ein reicher Burger Giulio Cefare Bachero von favonischen Intriquen aufgestiftet, 1626. das Ariftofratenregiment durch ein Complot zu fturzen unternahm, nach dem Borbilde von Benedig das Tribunal der Staatsinquifition; weder die Sinrichtung Bacheros und einiger feiner Mitfdulbigen, noch die Bachsamteit ber Inquifitoren vermochte die Reigungen au Berschwörungen, die von jeher in ber ligurischen Seerepublit ihren Sit batten, ganglich zu unterbruden. Drei Jahre vor Rarl Emanuels Tod, als ein neuer Rampf über die ftreitige Markgraffchaft ausge- 1672. brochen war, wurde die genuefische Dogenregierung abermals durch ein Complot des Rafaelo Torre erschreckt, wobei ber Bergog die Band im Spiele hatte. Auch biefer außeren und inneren Gefahr entging ber fraftige Seeftaat ohne Rachtheile. Und als ber friegerische Bergog aus bem Leben schied und seinen neunjährigen Sohn Bictor Amadeus II. Anfangs unter Bormundschaft ber Mutter Maria Bictor Amabene II. 1678 Johanna aum Rachfolger batte, glaubten die Raufherren von Genua einer ge--1790. ficherteren Butunft entgegenzugeben. Sie follten jedoch bitter getäuscht werben. Roch war tein Jahrzehnt feit bem Tobe bes alten Bergogs verflossen, als bie Seeftadt durch den frangofischen Gewaltherrn einen Schlag erlitt, wie fie noch 1684. von teinem ahnlichen betroffen worden. Ludwig XIV., bamgle auf bem Bobevuntt feiner Macht, tonnte es ber Seerepublit nicht verzeihen, bag fie fur Spanien noch alte Sompathien begte und bem befreundeten Lande, mit bem fie bon jeber gewinnreichen Sandel getrieben, manchen Borfdub mit ihren Galeeren leiftete. Bir werden bald erfahren, wie die regierenden Berren, von den europäischen Machten verlaffen, von einem ichredlichen elftägigen Bombardement heimgefucht, Rei. fich ju bem schweren Schritt entschloffen, eine Deputation aus ben Sauptern ber Stadt nach Berfailles zu schiden, daß fie vor bem Gewaltherrn die Rnie beugen und um anadige Abwendung eines zweiten brobenden Ungewitters fleben follten. Bictor Amadeus, durch feine Bermählung mit Anna, Tochter bes Bergogs Philipp von Orleans dem frangofischen Berricherhaus verwandt, hielt, der Bolitif bes Baters folgend, treu zu Franfreich, baber auch fein Bergogthum burch bie Bergrößerungssucht bes machtigen Rachbarn teinen Schaben nahm; und felbst als er, burch außere Rothwendigfeit gedrangt und der politischen Ab. bangigteit von Frantreich mube, in ben neunziger Jahren, wie wir feiner Beit feben werben, fich bem fpanifch-ofterreichischen Baufe naberte und bem großen Bunde gegen Ludwig XIV. anschloß, ging er ohne Landverluft aus bem Conflicte ber Großmächte hervor. Bielmehr erwarb er durch feine Biedervereinigung mit Frankreich noch vor beendigtem Rriege die Kestungen Casale und Binerolo und befreite fein Bergogthum von den beiden "Sandfeffeln", die ihn lange bedrudt Erft bas neue Sahrhundert brachte ichwere Beimfuchungen über bie Lander am Fuße ber Berge. Auch in bem tatholischen Belotismus, ber in ber Unterbrudung ber Reterei und in der Begrundung firchlicher Ginheit Ruhm und Ehre suchte, nahm fich der Turiner Sof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zum Borbild.

#### 326 C. Die pprenaische und die apenninische Salbinsel.

Bir wiffen, bag icon Rarl Emanuel bas Schwert ber Berfolgung gegen die Balbenfer-Gemeinden in den Alpenthalern schwang, bis Cromwells machtine Einsprache dem fanatischen Gebahren Salt gebot; und als Ludwig XIV. die Sugenotten aus feinem Lande trieb, verhangte auch Bietor Amadeus II., wie wir spater erfahren werden, neue Drangsale über die calbinifden Bergbewohner, die nur vorübergebend mabrend des Arieges wider Frantreich gurudgenommen wurden.

### 4. Neapel und Sicilien unter spanischer gerrschaft.

Drudenbe Bermaltung.

Um die Beit, da Catalonien mit frangofischer Gulfe die castilische Gewalts herrschaft abwarf und in Bortugal der Bergog von Braganza die Krone auf sein eigenes Haupt feste, traten auch in Sicilien und Unteritalien Erscheinungen 311 Tage, welche einen ahnlichen Ausgang zu nehmen schienen. Bir haben fruber bie Bustande ber italienischen Lander auf beiben Seiten bes Faro unter ben spanischen Bicekonigen in Palermo und Reapel kennen gelernt (XI, 97—101) Sowohl auf ber Infel wie auf bem Reftlande berrichte eine Ungleichheit ber Stände, welche alle öffentlichen Laften ben Burgern und Bauern aufburdete, mabrend Abel, Rlerus und Beamten von den Steuern und Abgaben wenig betroffen wurden. Befonders waren die indiretten Steuern, welche in Caftilien Die Berödung und Berarmung berbeiführten, auch in den italienischen Rebenlanbern ber fpanischen Monarchie eine Quelle ber fcwerften Bedrudung, ber unerträglichsten Qualerei. Der Breis der nothwendigften Lebensbedurfniffe murde durch hobe Auflagen bergestalt gesteigert, daß der arme und geringe Mann barüber in Berzweiflung gerieth.

Aufruhr in Balerm

Run war im Frühling 1647 in Folge eines Misjahrs auf Sicilien Roth 1647. und Theurung entstanden. Eine große Ungufriedenheit erfaßte bie Bemuther und machte fich in Palermo in einem Aufftand gegen ben Pretore, ben oberften 20. Mai Berwaltungs. und Gerichtsbeamten ber Hauptstadt Luft. Der Bicekonig ber Infel, Don Bedro Fajardo, Marques be los Belos befaß weber Schiffe noch Militar in genügender Menge, ba bie Streitfrafte bes Mutterlandes anderweitig beschäftigt waren. Er suchte die aufgeregten Bolksbaufen, welche bereits mit ber jur Bahrung der Sicherheit und Ordnung aufgestellten Mannichaft bes Bretore handgemein geworden waren, burch Bureden und Bersprechungen zu beruhigen: aber feine Berheißung, ber Roth abzuhelfen, fand tein Bertrauen; Die Tumultuanten glaubten burch Schreden und Gewalt mehr zu erzielen, als burch bie beschwichtigenden Borte und Bertröftungen bes Bicekonigs. Sie fturmten bie Steueramter und vernichteten bie Rollen und Bucher. Der Aufruhr wuchs mit jebem Tag und verbreitete fich auch über andere Städte. Der Marchese von Berace, ein bei dem Bolte beliebter Edelmann, wurde jum Fugrer gewählt; als er aber für Frieden und Berfohnung fprach, war es mit feiner Bobularitat bald

vorüber. Schon mar es ba und dort ju Gewaltthatigfeiten und Egeeffen gefommen; es war Gefahr borbanden, daß sich die unteren Boltellassen in Stadt und Land bes Regiments bemachtigen, bag fich die Scenen ber Selavenaufftande des Alterthums wiederholen möchten. Abel und Geiftlichkeit waren ohnmächtig und in ihren Befitungen nicht minder bedroht als der Beamtenftand. wurden auch die burgerlichen Elemente in Bewegung geset; die Bunfte der Handwerker ichlossen sich ber aufftanbischen Menge an, theils fortgerissen von der revolutionaren Sturmfluth, theils in der Abficht, die aufgeregten Rrafte bor lleberschreitungen zu bewahren, die gabrenden Maffen zu zügeln, die Leidenichaften und gemeinen Triebe auf bobere Biele zu lenten. Mit ben unteren Boltsflaffen verbunden wollten die Burger und Gewerbtreibenden eine Reform in der Berwaltung durchsehen, in Folge beren auch die popularen Stande einen Antheil am Regimente erhalten follten. So griff ber revolutionare Bustand immer weiter um fich und bauerte ben gangen Sommer fort. Unter ber Leitung eines entichloffenen Demagogen, bes Goldbrathziehers Giufeppe ba Left machten fich bie Insurgenten zu herren ber Stadt. Die höheren Stande geriethen in Schreden; fie bewogen ben Statthalter zwei Bunftmeister in bas Regierungsgebaube zu berufen, um mit ihnen die ju treffenden Dagregeln ju überlegen. Unterdeffen blieben die Aufftandischen auf ben Stragen und Blagen versammelt. Als nun die Abgeordneten lange nicht jum Borschein tamen, argwohnte die aufgeregte Menge Berratherei: fie erfturmte und plunderte bas Beughaus, richtete Ranonen gegen den königlichen Balaft und rief Giufeppe jum Befehlshaber aus. Erfchreckt 15. August 1647. durch die brobende Gefahr flüchtete fich ber Bicetonig mit feiner Gemablin ju Schiffe nach Castelamare und überließ die Stadt ihrem Schickale. Dieses wäre unter den Sanden der Rauber und Banditen, die einen wesentlichen Theil der Insurgenten bildeten, schlimm genug ausgefallen, hatte nicht Giuseppe da Lesi felbft den Ausschweifungen Schranken gefett und die wilden Gesellen durch die gemäßigtere Partei ber Burgermehr von Gewaltthaten abgehalten. gewann der Abel und die Ritterschaft Zeit, jum Schute ihres Lebens und Gigenthums und zur Erhaltung der öffentlichen Autorität zu den Waffen zu greifen und militarisch geordnet wider die aufrührerischen Schaaren auszuziehen. Sie 22. Aug. iprengten zu Pferde in die dichtgebrangten Saufen und trieben fie auseinander: Biele erlagen ihren Schwertern und Carabinern, unter ihnen Giuseppe da Lesi und fein Bruder; andere wurden gefangen genommen und breizehn bavon bingerichtet. Run suchte ber Bicelonig, feiner milben Ratur folgend, durch Aumeftie und Steuernachlaß ber repolutionaren Erhebung vollenbs Meifter zu werden. Dieses Berfahren wurde jedoch in Madrid nicht gutgeheißen, daher das auf. rubrerifche Treiben feinen Fortgang hatte. Dem Marques be los Belos ging dies fo zu Herzen, daß er vor Rummer ftarb. Gein Rachfolger mar der Cardinal 13. Nov. Theodoro de' Triulgi, ein eben fo fluger ale entschloffener Staatsmann. Diefem gelang es, indem er durch fein unerschrockenes Auftreten in Palermo felbst ben

Einwohnern Achtung einflößte und zugleich den Reumuthigen Berzeihung und ernste Berücksichtigung ihrer Beschwerden in Aussicht stellte, die noch vorhandenen Reste der Insurrection zu unterdrücken. Die obrigkeitliche Autorität wurde wieder aufgerichtet, Gesetz und Gericht von Neuem zur Geltung gebracht, den schreiendsten Mißständen abgeholsen. So konnte der Cardinal dem neuen Vicekönig Don

20thplanoen abgegorfen. So ibnnie ber Eurotnat bem neuen Atectonig Bon 1648. Juan d'Austria, der so eben bei der Unterdrückung des Ausstandes in Reapel mitgewirkt hatte und nun mit Flotte und Heer in Messina landete, die Insel beruhigt übergeben.

Abfall von Bon dem Aufruhr und Abfall Meffina's in den fiebenziger Jahren, der theils Meffina. Durch die despotischen Eingriffe der vicekoniglichen Regierung in das Berfassungs- und Parteileben der Stadt theils durch die Intriguen und Berhehungen des Berfailler Sofes berbeigeführt murbe und die borübergebende Befigergreifung der Feftung und ihrer Umgebung burch Frankreich jur Folge hatte, werden wir im nachften Abichnitt das Als nach Abschluß des Rymmeger Friedens die Frangofen Deffina Beitere boren. raumten, verließen gegen 7000 Einwohner Die Stadt und fcifften fich nach Frankreich ein. Der Madrider Sof ertheilte barauf bem Bicetonig Bincengo ba Gongaga ben Befehl, die Guter der Ausgewanderten einzuziehen und über alle Betheiligten ftrenge Strafgerichte zu berhangen, ohne bie berfprochene Annestie zu beachten. tamen badurch an ben Bettelftab; die Berzweiflung machte viele zu Strafenraubern. Auch von den Ausgewanderten, die von Ludwig XIV. ohne Unterftugung gelaffen, fich wieder nach ber Beimath magten, murben gunfhundert jum Balgen ober ju ben Saleeren verurtheilt. Begen Funfzehnhundert entflohen nach der Turkei, wo fie meiftens jum Islam übertraten und im Leichtfinn ju Grunde gingen.

Steuerbrud Die Natur bat das untere Italien wie eine Braut mit allen Reizen und in Deapel. Saben ausgestattet, und boch ift basselbe unter ber fpanischen Berrichaft mehr und mehr zur Bohnstätte von Bettlern und Banditen geworden. Die politischen und socialen Buftande, die gur Berarmung des Boltes führten, find uns bereits bekannt (XI, 100) : die vicetonigliche Regierung mußte alle Mittel aufbieten, ben Forderungen des Mabrider Sofes zu genügen; die öffentlichen Ginkunfte waren meistens an genuesische Becheler ober Banbelegesellschaften verpachtet ober gegen Borichuffe in Pfandichaft gegeben, welche die Steuern und Auflagen mit unerbittlicher Strenge eintrieben, unterftutt durch obrigfeitliche Edifte gegen ben in Reapel heimischen Schleichhandel. Dennoch reichten die Ertrage nicht bin, ben machsenden Bedarf ber erschöpften Staatstaffe zu befriedigen; die Regierung mußte fort und fort auf Mittel finnen, die Ginnahmen zu mehren. Run wiffen wir, wie fehr in ben vierziger Jahren bas fpanische Reich von allen Seiten im Gedrange war; es mußten alle Bebel eingefest werben, fur Beer und Flotte Geldmittel beizuschaffen. Auch an ben Bicekonig von Reavel, Don Rodrigo Bonce de Leon, Bergog von Arcos wurden hohere Anforderungen geftellt; auf jenes Ronigreich glaubte man in Mabrid am wenigsten Rudficht nehmen qu muffen. Bei ben fervilen ariftotratischen Stanben fand ber Bergog feinen Biber-

3an. 1847. ftand; fie bewilligten ein Donativ von einer Million Ducaten für die vermehrten

Kriegsausgaben, und ftimmten dem Borfchlage der Regierung bei, daß diefe Summe durch Umlagen auf die nothwendigsten Lebensmittel aufgebracht werden follte; benn auf diese Beife traf die Belaftung hauptfachlich die unteren Boltsflaffen. Als das neue Steuereditt, das die gefuchtesten Artifel des Marttes einer Abgabe unterwarf und jeden Schmuggel mit schwerer Bestrafung bedrobte, befannt gemacht wurde, erzeugte es Murren und Ungufriedenheit. 280 fich ber Bicetonia feben ließ, marb er mit lauten Bitten, wohl auch mit Drobungen um Abschaffung der neuen Auflagen bestürmt: er vertröftete die schreienden und murrenden Saufen mit Busagen, die er jedoch nicht zu halten vermochte. Denn weder seine Rathe noch die Stande wußten oder wollten ein anderes Mittel, die Summe aufzubringen. Die Unzufriedenheit über Die Consumtionssteuer muchs mit jedem Tag; eine bumpfe Gabrung machte fich bemerklich. Bur felben Beit, da in Palermo der Aufstand losbrach, wurde auch in Neapel auf dem Marktplate 20. Mai bas behufs ber Steuererhebung errichtete Gebaude in ber Racht abgebrannt. Die Radrichten von der fortschreitenden Bewegung auf der Rachbarinsel mehrten auch auf dem Festlande die Bolkbaufregung; aber bas Beispiel des Bicetonigs von Balermo konnte nur abmahnen, einen abnlichen Beg zu betreten: Nachgiebig. feit, ftellte man bem Bergog von Arcos vor, murbe jest nur als Schmache ericheinen und die revolutionären Elemente ermuthigen.

Da erhob fich eines Tages, als bei Gelegenheit eines Marienfestes viel Ranb unter Bolt in der Sauptstadt versammelt war, auf dem Martte ein Streit zwischen Masaniello 7. Juli 1647. den Fruchthandlern von Puzzuoli und den Steuererhebern. Bon bem Larmen und Schreien angelockt brangte fich eine Menge Bolts und barfüßiger Buriche beran, als gerade ein Feigenverkäufer, empört daß ihm nach Entrichtung der Abgabe taum ein fleiner Gewinn übrig blieb, seinen Rorb umstieß und die fuße Frucht den Umftebenden preisgab. Auch ein Berwandter des Feigenhandlers, ein armer Fischer von Amalfi, Tomaso Uniello ober wie das Bolt ibn nannte Masaniello, mar augegen, ein beweglicher Mann, redegewandt und bei bem Bolle beliebt megen feines Muthes und feiner uneigennütigen hulfreichen Ratur. Das Polizeigericht hatte seine Frau wegen beimlicher Umgehung der Abgabepflicht bestraft, desbalb trug er der Regierung Groll und Rache. Dieser Masaniello rief ber Menge zu, mit ibm die Abschaffung ber Steuer zu bewirken. Die Ratur des neapolitanischen Lazzaroni ist stets zum Widerstand gegen Gesetze und obrigkeitliche Berordnungen geneigt; die Polizei zu hintergeben und zu betrugen gilt als ein Beichen von geiftiger Ueberlegenheit, als ein Triumph der Lift und Rlugheit; das Streben nach verbotenen Früchten ift ein tiefwurzelnder Bug des Bolkscharatters. Sofort ging es an die Plünderung der Marktwaren, dann als die Bahl durch Bulauf bis zu 4000 Röpfen anwuchs, an die Berftorung der Struerbaufer in der ganzen Stadt. Mit einem Boch auf den Ronig war der Ruf berbunden: "Tod der schlechten Regierung!" Bald erschien ber tobende Baufen vor dem Regierungspalast und forderte drohend die Aushebung der Mahl.

und Schlachtsteuer und anderer die Rahrungsmittel vertheuernden Auflagen : der Bicetonig, ohne gureichende militarifche Schutymannichaft, gerieth in Unrube und versprach Abstellung ihrer Beschwerben; allein Masaniello beredete bas Bolt, fich Garantien zu verschaffen, daß die Busagen auch wirklich erfüllt wurden. Balb ericienen neue Boltsbaufen vor bem Balafte; ber Stattbalter wollte nach einem der Caftelle entflieben; aber er wurde ertannt, aus der Rutiche geriffen und nach der nahen Rirche des Francesco von Baula geschleppt, wo er die Brivilegien, die einst Rarl V. ber Stadt verlieben, feierlich beschwören und alle feitdem auferlegten Steuern fur abgeschafft erklaren follte. Als ber Bergog den geweihten Raum betreten hatte, gab er ben Bachtern Befehl, Die Thuren gu schließen und Riemand weiter einzulaffen. Run tobte die Menge und brobte die Rirche zu fturmen. In diefem Augenblid tam ber Rarbinalerzbischof Afcanio Kilomarino bergu und feiner Bermittelung gelang es, ben Bicetonig aus ber verzweifelten Lage zu retten. Er wiederholte feierlich das Berfprechen, die druden. ben Auflagen abzuschaffen, und ftellte eine schriftliche Erflarung auf Bergament darüber aus.

Die furze Rubepause, Die auf biefe fturmischen Scenen folgte, bemutte ber bie neades Bergog, um fich in das Castel nuovo zu werfen, wo er durch die Teftungswerte meinde, geschützt war; dahin flüchteten sich dann auch die Spitzen des Abels und der Beamtenschaft. Run war die Stadt ganglich in der Gewalt der unteren Bolts. klaffen und des Demagogen Masaniello; wie ein Dictator gebot der Fischer und Schleichhandler von Amalfi über die bewegliche Daffe, die burch Bugunge von Außen mit jedem Tage anwuchs. Auf einer holgernen Tribune, die neben der Rirche del Carmine errichtet war, hielt der zungenfertige Lazzaronibeld feurige Reben an die versammelte Menge im neapolitanischen Bollsdialett, begleitet von einem lebendigen Geberbenspiel nach ber Landessitte, ein zweiter Cola Rienzo nur von gemeinerem Schlag, ohne bobere politische Biele, ohne Schwarmerei für Bereits hatten bie Sturmenben bas Beughaus Menschenrechte und Freiheit. erbrochen und fich mit Baffen und Geschut verfeben: nun wurden die Behrhaften militarifch geordnet, einzelne Abtheilungen und Stadtquartiere beftimmten Sauptleuten unterftellt, Masaniello felbft zum Oberbefehlshaber erhoben mit bem Titel "Generalcapitan bes Bolles". In eine Ruftung von Silberblech gefleibet, einen Feberhut auf dem Ropfe ftolgirte er felbstgefällig burch die Stragen; über 50,000 Bewaffnete maren seines Bintes gewärtig, um seine Befehle auszuführen. Bie in Balermo fo fchloffen fich auch in Reapel einige angefebenere Burger ben Aufständischen an, in der Hoffnung, durch die revolutionare Bewegung zu einer freieren Berfaffung und Rechtsordnung ju gelangen. Dadurch fab fich Dasaniello gleich dem ficilianischen Anführer in die Lage verfest, die Insurgenten von Ausschreitungen und Gewaltthatigfeiten abzuhalten. Benn auch Die Gefangniffe erbrochen und die Straffinge befreit wurden, wenn auch einzelne Anite. gebaude und Abelspalafte erfturmt und ausgeplundert, verhaßte Steuererheber

oder Bolizeimanner mißbandelt, manche Stadtbewohner wider ihren Billen gum Auschluß an die Erhebung gezwungen murden; grobe Ercesse ober Mordthaten tamen nicht bor. Masaniello gefiel fich in ber Rolle eines bemagogischen Dictators, eines Sauptes ber Lazzaronigemeinde; er wollte tein Banbitenhauptmann fein, feine Banbe follten rein bleiben von Blut und Raub. Der Schiffer von Amalfi, der Tage und Bochen die souverane Macht in Reapel besaß und ausübte, ift eine Lieblingsgeftalt für Runft und Romantit geworben; aber es fehlte ibm die ideale Anlage, ber Aufschwung ber Seele, die bobere Ratur und Beiftes. richtung. Richt ohne Sutmutbigfeit und edle großmuthige Regungen, wie fie in füdlandischen Bergen oft neben heftigen Leidenschaften und ungeftumen Erieben wohnen, mar Masaniello boch im Bangen aus gemeinem Stoff geschaffen; er spiegelte fich felbstgefällig in einer Berrscherrolle, welche weit über feine Rrafte ging, und trieb in phantaftischer Ginbilbung und Citelfeit planlos ber Butunft entgegen.

Masaniello ließ im Ramen des Bolles von Reapel Editte ausgehen, worin unter Masaniello Androhung der Todesftrafe gegen Buwiderhandelnde die Lebensmittelfteuer aufgehoben, Bicetonig. jugleich aber auch alles tumultuirende herumstreifen verboten und der punttlichste Ge- 10. 3ult horfam gegen die Sauptleute jur Bflicht gemacht wurde. Aufs ftrengfte bandbabte ber "Generalcapitano bes Bolts" die Sicherheitsgefege und ftrafte die Uebelthater; befahl aber auch mitunter gewaltthätige und graufame Bandlungen. Sein von Ratur fcmacher Ropf gerieth unter ben aufregenden Gindruden allmählich in Bermirrung. Gin Mordanfall burch gedungene Banditen, in beffen Folge ber verbachtige Anftifter Giufeppe Caraffa und einige ber Frebler ericoffen wurben, erhöhte bas Anfeben bes Demagogen, fo bas der Bicetonig fich bewogen fand, in der Rirche del Carmine einen formlichen Staatsvertrag mit demfelben abzuschließen, Er im Ramen des Königs, Masaniello als 13. Juli. "baupt bes getreueften Bolles bon Reapel". Darin mar bestimmt, daß alle Steuern und Auflagen, welche feit Ertheilung bes Freibriefes Rarls V. eingeführt worden, abgeschafft und teine neuen angeordnet werden sollten. Bugleich übergab ber Bicetonig bie Urfunde im Originale dem Boltsführer, gewährte volltommene Amnestie und versprach eine Berfaffungsreform, traft beren bas Bolt gleiche Rechte mit bem Abel haben follte. Bis die Bestätigung biefes Bertrags von Seiten des Ronigs eingetroffen fein murde, follte teine Entwaffnung vorgenommen werden. Berfohnt und eintrachtig fab man den Berjog und den Demagogen in derselben Rutsche fahren. Ja seine Frau wurde sogar im Schloffe ehrenvoll empfangen und von der Bergogin ausgezeichnet.

Best ftand Masaniello auf bem Sobepuntt bes Gluds; aber wie balb Masaniellos follte es zu Ende geben! Seit bem Augenblick, ba er in Silberftoff gekleibet im Palaft auftrat und bem Bicetonig zu Fugen fant, war er ein verlorner Mann. Das Bolt mißtraute ihm und wandte ihm ben Ruden. Bas follte man bon dem Manne benten, der vor Aurzem gegen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und die Eprannei der Beamten geeifert hatte und jeht zur Treue gegen den König aufforderte? Er felbst verlor allen Salt, ergab sich dem Trunke und handelte ohne Bedacht und Ueberlegung. Diefen Moment hatte man am Hofe vorausgesehen und beschloß nun ihn zu benugen. Masaniello war wenige Tage nach ber

#### 332 C. Die pprenaische und die apenninische Salbinsel.

Audienz eine gefallene Große, um die fich Riemand mehr befummerte. Bicefonig magte es baber, ben Boltsmann burch vier Schugen, die fich in ber-16. Juli selben Carmeliterfirche berstedt hatten, erschießen zu lassen. Sein Haupt wurde abgeschlagen und in den Schlofgraben geworfen, der Rumpf durch die Strafen gefchleift.

hof und Ariftotratie hofften, nach der blutigen Rachethat murbe der revolutionare Tumult fich verlaufen und Alles wieder in den fruberen Buftand gurudtehren. follten jedoch bald ihres Irrthums gewahr werben. Schon am folgenden Tag erwachte das Bolt aus feiner Betäubung; die verftummelte Leiche murde aufgesucht und mit toniglider Bracht, einen Lorbeertrang um das Saupt geflochten, in der Rirche, wo der Boltsheld ben Tod gefunden, feierlich beigefest. Man verehrte ihn als Martyrer und Bunderthater; Legenden fnupften fich an feinen Ramen. So ift fein Bild auf die Rachwelt gekommen. "Die Romantit webte um ihn den traumerischen Schleier der Berklarung; unter dem tonenden Schalle uppiger Opernmufit fcreitet er prablerifc über die Scene; eine ideale Bestalt mit wallenden Loden, gehüllt in des antiken Amalfifischers farbenprachtiges Coftum ftellt ihn der Maler dar".

Reue Bolls: bewegungen.

Und bald genug trat es zu Tage, daß der Bicekonig den in der Roth befcmornen Bertrag nicht zu halten gesonnen fei: die Steuererleichterung wurde gurudgenommen, bon Reformen war feine Rede. Da erhob fich bie noch immer bemaffnete Lazzaronigemeinde zu neuen Aufständen: mancher Spanier mußte für die Treulofigfeit der Regierung mit bem Leben bugen; ber Bof fab fich abermals genöthigt, in bem neuen Caftel Buflucht zu suchen. Obrigkeit und Befet waren ohnmachtig; die Anarchie verbreitete fich über Stadt und Land, wilde Frevel und Excesse wurden verübt. Masaniello vermochte in den Tagen feines Glanzes die tumultuirenden Saufen mit feiner iconen lauten Stimme und seiner Geberbensprache ju banbigen; wenn er bie zwei vorbern Finger auf ben Mund legte, brachte er viele Taufende jum Schweigen. Diefer Bauber mar Der spanische Edelmann von altem Geschlecht, Don Francesco iett dabin. Toralto, Fürst von Maffa, ber fich ben Insurgenten als Führer anbot, erregte bald ben Argwohn, daß er es insgeheim mit ber Regierung halte und die Aufftandischen mit zwecklosen Unternehmungen fo lange hinzuziehen gedachte, bis die aus Spanien erwartete Bulfe angekommen fein wurde. Die revolutionare Bewegung hatte baber burch ben gangen August ihren Fortgang; alle Stande und Berufeklassen traten mit Forderungen hervor; die Landstädte ahmten das Beifpiel ber Hauptstadt nach, die Bauern weigerten ben Baronen Dienste und Abgaben; bewaffnete Rriegsbaufen belagerten die Caftelle, wo fpanifche Befahungen

2. Sept lagen; am 2. September fab fich ber Bergog von Arcos abermals zu einer Capitulation gezwungen, in welcher er die fruberen Bugeftandniffe von Reuem beschwor.

Berrath

Aber icon mar eine Flotte von zweiundzwanzig Rriegsichiffen von Spanien ausgelaufen, um den Infanten Don Juan d'Austria mit castilischen Eruppen

nach bem Lande ber Rebellion zu tragen. Dit weitgebenden Bollmachten versehen, fuhr ber Ronigsohn in den Safen von Reapel ein; anftatt aber mit den !. Oft. Insurgenten sofort in Unterhandlungen gu treten, stellte er auf Anregung bes Bicetonigs die Forderung, daß alle Reapolitaner die Baffen niederlegen und bas Beitere ber Gnabe bes Ronigs anheimstellen follten. Unter ber Sand wurde babei die Berficherung gegeben, daß alle mit Masaniello abgeschloffenen Bereinbarungen gehalten wurden. Der Fürst von Maffa, ber, mahrend er an ber Spite ber Boltswehr ftand, augleich insgeheim mit ber Regierung conspirirte, suchte die Aufstandischen zu bewegen, Bertrauen zu bem Prinzen zu faffen und gur Berfohnung die Sand zu bieten. Manche gaben nach; man fab weiße Jahnen weben, Manner ohne Baffen einherziehen. Da wurde ploglich ben spanifden Soldaten der Befehl ertheilt, die Strafen und Plate ju befegen; 5. Det. man glaubte, daß die unter bem Einbruck der Friedenshoffnungen von einem Befühle der Sicherheit ergriffene Einwohnerschaft von Reapel leicht übermannt werden könne; augleich wurden von der Flotte und den drei Castellen aus (St. Elmo, Unovo, Ruovo) Gefcute gegen die Stadt gerichtet und abgefeuert. Diefes verratherische Borgeben feste die gange Bevölkerung in Buth: Die Manner griffen bon Reuem ju ben Baffen, Die fie fo eben niederzulegen im Begriff maren, und fielen über die spanischen Soldaten ber, die in den Strafen vertheilt und abgeschnitten balb in großes Gedrange tamen. Rach einem zweitägigen beftigen Straßenkampf, an dem felbst Frauen und Rinder durch Auswerfen von Steinen, von siedendem Baffer und Del aus ben Baufern fich betheiligten, mußten die spanischen Eruppen, so viele der Bolkerache entgangen waren, die Stadt raumen und in den Castellen ober auf den Schiffen Sicherheit suchen. Der Fürst von Massa, des treulosen Spiels bezichtigt, wurde einige Beit nachber burch ein Bolksgericht jum Tobe verurtheilt und enthauptet; feinen Rumpf knüpften die Rasenden an einen Galgen auf. Run errichteten die Insur- 22. Dit. genten eine bemotratische Republit und stellten einen Baffenschmieb Gennaro Annese als Generalcapitan an die Spipe der Bollswehr; die ungerechten Steuern wurden abgeschafft und ben Baronen ihre Borrechte entriffen, manches feindlich gefinnte Abelshaupt ward verfehmt.

Trennung bon Spanien mar jest die Lofung in Reapel. Um biefes Biel Die Bollege gu erreichen, faben fich bie Baupter bes Bollsftaats nach auswartiger Bulfe um. ber Prin Da Papft Innocenz X., obwohl Dberlehnsherr bes unteritalienischen Rönigreichs, jede Cinmifdung von ber Sand wies, fo wandten fie fich an den frangofischen Sesandten, den Marquis von Kontenai, um von Mazarin Unterstützung zu erlangen. Bon biefem Borhaben erhielt Beinrich von Buise aus bem Saufe Lothringen Runde, ber fich gerabe bamals wegen einer Scheidung und Biebervermählung in Rom aufhielt. Bon mittelalteriger Romantit angeweht, wie fie ehebem der fahrenden Ritterschaft beiwohnte, faste der Bring den Entschluß, fich den Reapolitanern als Führer anzubieten. Ronnte er boch vermöge seiner Ab-

stammung alte Erbansprüche auf die Krone des schönen Reiches erheben, und durfte er nicht bei glücklichem Fortgang der Sache Hülfe von Rom und von Frankreich erwarten? Er erkannte ohne Bedenken die junge Republik an, seine königlichen Hintergedanken sorgfältig verbergend, und schiffte sich mit den Gelden

- föniglichen Hintergedanken sorgfältig verbergend, und schiffte sich mit den Geldstand.

  15. Nov. summen, die er zusammengeliehen, auf einigen Fahrzeugen ein. Am 15. November hielt er unter dem Iubel des Bolkes seinen Sinzug in Neapel und wurde von dem "Generalcapitän" Gennaro Annese nach seiner eigenen Wohnung im Rarmes literkloster geführt. Nun herrschte eine Beitlang große Freude in Neapel, die nur durch die wachsende Hungersnoth getrübt ward. Die Häupter des demokratischen Geneinwesens richteten im Namen des "allergetreuesten Volkes von Neapel und seiner Obrigkeit" ein slehendes Bittgesuch an den König von Frankreich, daß er
- sie unter seinen Schuß nehme; und in der That wurde auch eine französsische Bertote abgesandt, welche nach heftigen Stürmen bei Ischia aulegte. Der eitke Herzog von Guise stimmte zwar nicht aus vollem Herzen in den Jubel ein; er gedachte vorerst in Reapel eine Rolle zu spielen, wie ehedem Wilhelm von Oranien in Holland, die die Zeit zur Ergreifung der Königskrone reif sein würde; seine Geliebte, Fräulein von Pons, spielte in Paris die Königin zum großen Aerger der Anna von Oesterreich. Das ganze Auftreten des Mannes, der ohne Geld und Heer einen Thron erwerben wollte, erinnerte an den edlen Ritter Oon Ouizote. Wirklich kam es auch zu einem Seetressen zwischen der französischen und spanischen Flotte im Angesicht von Reapel; aber ein Sturm tried die Schisse auseinander und verhinderte eine Entscheidung. Ohne irgend eine Aenderung in der Lage der Dinge bewirkt zu haben, segelte das französische Geschwader nach der heimathlichen Rüste zurück.

Ausgang ber Revolution.

Run ging es mit bem bemofratischen Bolfsstaat in Reapel rasch abwarts. 1648. Roth von Außen, Zwietracht und Hader im Innern, Mangel an einer Personlichfeit von durchgreifender Autorität, Spaltung in der frangofischen Bartei, wie follte da nicht Berfahrenheit und Wirrfal einreißen? Der Bergog fab mit Giferfucht auf Cerifautes, der als frangofischer Geschäftsführer im Intereffe Magarine wirkte; er hielt ihn sogar eine Beitlang in Saft und gab ihm dann den Oberbefchl über eine Bande Calabrefer, die ihm wenig Gehorfam zeigte. Auch mit Gennaro Annese gerieth Guise in Streit, als der Demagog fich dem eiteln Frangosen, der burch sein leichtfertiges Wesen und feinen anftogigen Bertehr mit vornehnen Damen Spott und Berachtung auf fich Ind, nicht unterordnen wollte, fogar in Baris gegen ihn Intriguen spann. Es tam fo weit, daß Annese in Berbindung mit dem Bolkstribun Antonio Mazzela eine Schaar bewaffneter Lazzaroni gegen das Saus des Herzogs führte, die diefer jedoch mit leichter Mube in die Flucht fchlug. Mazzela murde als Berrather hingerichtet, Gennaro Annese aber trat nummehr mit den Spaniern in Berbindung, um der Berrichaft des frangofifchen Abenteurers ein Ende zu machen. Da war es benn ein gludliches Greigniß für ben Demagogen, bag ber bisberige Bicefonig, Bergog von Arcos, ber ben Reapolitanern als Morber Masaniellos und als unzuverlässiger wortbrüchiger Mann befonders verhaßt mar, nach Reujahr fein Umt in die Bande des Infanten niederlegte und nach Spanien fich einschiffte. Che sein Nachfolger, Inigo Beleg San. 1648. de Guevara Graf von Danate, bisher Gefandter in Rom, eintraf, vereinigte Don Juan d'Auftria die Statthalterschaft mit der Burde eines militarischen Befehls. Diefe Beit benutte ber nach dem Rubm eines Friedensstifters und Unterbruders ber Rebellion begierige Infant, um mit ben Insurgenten Unterhandlungen anzuknupfen und als Breis ihrer Unterwerfung Berzeihung und Steuernachlaß zu versprechen. Allein ber Bag und bas Diftrauen gegen bie Spanier waren noch ju lebendig im Bolte, als daß der Gedante einer Berfohnung batte fo fonell Burgel faffen konnen. Der neue Statthalter trat im Marg fein Aint an und noch gehorchte Reapel ben republikanischen Bolkshäuptern und bem frangöfischen Bergog; ja burch die Thatigkeit und Tapferkeit bes lettern waren bie Bugange nach ber See frei gemacht und Lebensmittel eingebracht worden. Erft als Buise und Annese in tödtlichem Daß fich entzweiten und der rachsüchtige Demagog verratherische Berbindungen mit ben Befehlshabern in ben Caftellen anknupfte, wurden die Spanier Meister über die Insurrection. Um den Bergog aus ber Stadt zu loden, ließ der Bicetonig die tleine gartenartig angebaute Jusel Rifida angreifen. Guife, ber bei aller Gedenhaftigkeit immer noch ritterlichen Muth befaß, jog mit der bewaffneten Mannschaft gegen ben Feind ins Feld, 3. Apr. 1648 um bas bedrängte Giland ju retten. Da rudten in ber Racht vom 5. auf ben 6. April die Besatzungstruppen vor die Mauern; Unnese öffnete ihnen ein Thor und nahm fie in bas Rloftergebaude bel Carmine, die feste Burg ber Boltspartei auf. Als der Tag anbrach, waren die Spanier im Besit der Thore und Hauptplage. Riemand versuchte einen Biderstand; bald erscholl der Ruf; "Es lebe Konig Philipp!" Ohne Blutvergießen war bas republikanische Reapel erobert. Einige gersprengte Flüchtlinge trugen die Botschaft in das Lager; ber Bergog wollte gurudtebren, um fich ber Stadt wieder gu bemachtigen; aber feine Leute litfen babon. Mit einem fleinen Sauflein fchlug er ben Beg gen Rom ein; boch ichon in Capua fiel er in die Sande der Rriegeknechte bes Abels und wurde als Scfangener in Gaeta festgehalten, bis frangöfische Bertvendung ibm nach einigen Jahren die Freiheit verschaffte. Gin fpaterer Berfuch. durch eine abenteuerliche Landung in Caftelaniare noch einmal festen Fuß in Unteritalien zu faffen, blieb ohne jeglichen Erfolg. — Am 8. April bielt ber Bicetonig an bet Seite des Infanten feinen Einzug in Reapel. Sie wurden mit Jubel und Feftgeläute empfangen und wiederholten die Berficherung, daß die Steuerlaft genindert werden sollte. Man konnte sogar auf einige Beit Wort halten und die indirekten Auflagen abschaffen oder herabseben, ohne daß die Staatstaffe darunter gelitten hatte. Denn die Strafgerichte, die man anftellte, gaben Mittel genny an die Band, viele wohlhabende Bürger in Anflageftand zu verfegen und ihr Bermögen einzuziehen. Manche busten auch mit bem Leben, unter ihnen Gennaro Annefe,

der treulose Bolkshauptmann. Fürsten lieben manchmal den Berrath, aber nicht den Berräther. So ging das revolutionäre Schauspiel in Neapel nach einer neunmonatlichen Dauer zu Ende, troß vieler komischen Scenen und gemeinen Züge eines rohen Bolkslebens doch wie eine Tragödie schließend. Es war das letzte Aufflackern eines nationalen Selbstgefühls, der letzte Glockenklang bei der Grablegung des gesammten Staats und öffentlichen Lebens in dem spanischen Königreich.

### 5. Die Republik Venedig und die Türkenkriege.

Schon seit der Regierung Heinrichs IV. hatte die Republik Benedig Hinkepublik au Frankenich gezeigt. Das aufstrebende Reich im Besten der Alpen reich schien den gebietenden Herren an der Adria weniger gesahrdrohend als das spanisch-österreichische Haus, dessen Flotten von Reapel und Sicilien aus den Kriegs und Handlesschiffen von San Marco den Seeweg verlegen konnten, dessen Statthalter in Mailand und Unteritalien noch im I. 1618 das republicanische Regiment zu stürzen suchen (XI, 318). Diese Sympathien für Frankreich dauerten auch unter Ludwig XIII. sort; wir wissen, welche Bortheile Richelieu im Beltliner und Mantuanischen Krieg aus dem Bunde mit der kriegsmuthigen Republis zog: konnte doch der reiche Staat sich leicht ein Söldnerheer aus den Alpensöhnen verschaffen.

Benebig und bie Zurfei.

Der Ginfluß ber regierenben Berren von San Marco auf ben Gang ber italienischen Bolitit mare noch viel burchgreifender und entscheidender geworben, hatten fie nicht fortwährend gegen die Osmanen auf der Sut sein muffen. haben in ben früheren Blattern oft genug bon ben großen Rriegen gehandelt, welche die Benetianer mit ben Turten in ben Gewässern der Levante zu führen Diefe Türkenkriege waren nicht ruhmlos für die Republik: ihre Seemacht blieb in Ansehen, ihre Soldner waren tapfer und ruftig jum Rampf; Die Raufherren und Robili auf ben Inseln und Ruften bes Archipelagus behaupteten lange ben Ruf von klugen, erfahrenen und thatkräftigen Mannern in der Politik und Berwaltung wie in militarischen Dingen. Dennoch kamen alle mablich fammtliche Befitungen in ben öftlichen Theilen bes Mittelmeers in bie Gewalt der Türken. Bir wiffen welche Berlufte die Seerepublit bereits unter Suleiman erlitten (XI, 338, 355); unter feinem Nachfolger Selim II. mußte auch Copern abgetreten werden (XI, 360); nur ber Entartung der Janitscharen und dem Berfall der friegerischen Energie im Osmanenreich, wie wir fie gleich: falls in ben fruberen Blattern tennen gelernt (XI, 366 ff.), mar es zu banten, baß bie Benetianer noch Candia behielten. Die Signorie fuchte Alles forgfaltig au vermeiden, was au einem Friedensbruch mit ber Bforte führen tonnte. Bie oft auch die Corfaren ber nordafticanischen Rufte durch ihre schnellsegelnden

Fahrzeuge den Handelsverkehr ftorten oder die Hafenorte auf beiden Seiten der Abria oder auf Corfu beunruhigten und beschädigten: fie begnügte fich in Conftantinopel Rlage zu führen gegen die Raubfahrten ber türkischen Clientelfürsten und burch Bacht- und Begleitschiffe ihre Rauffahrer und ihre Befigungen möglichft zu beden. Es machte in Benedig einen forglichen Gindrud, als noch unter der Regierung Murads IV. (XI, 372 f.) der Admiral Marino Capello ein Seeräubergeschwader, das sich allzu frech und übermuthig in das adriatische Meer gewaat, im Safen von Aulona überfiel und nach feiner Baterstadt entführte. Doch ge- 1689. lang es ber Regierung mittelft einer Entschädigungesumme bon 250,000 Bechinen ben Born bes Großfürsten au befanftigen. 3m folgenden Sahr ftarb Sultan Murad und fein Bruder Ibrahim folgte ihm auf bem Throne. Diefem feste 36rahim ber Rapudan-Bafcha Juffuf, ein Renegat aus Dalmatien, der von einem Solgund Baffertrager jum erften Minifter emporgeftiegen mar und ben Benetianern töbtlichen Bag trug, in ben Ropf, bag er bie erlittene Schmach rachen muffe. Der ichwache Großberr, ohne eigenen Billen und von fremden Rathichlagen abbangig, wurde mehr und mehr mit friegerischen Gedanten erfüllt. ftellungen bes Mufti gegen einen Friedensbruch fanden wenig Gebor.

Da ereignete fich ein Borfall, ber den fo lange vermiedenen Rrieg awischen Gin neuer Benedig und der Pforte jum Ausbruch tommen ließ. Die Johanniter von Malta, Anjug. 1844. die im Biratenwesen mit ben Barbaresten wetteiferten, überfielen auf ber Bobe bon Rarpathos ein turtisches Geschwader bon gehn Segeln, bas reich mit Schapen beladen aber ichwach bemannt, auf einer Ballfahrt nach Mecca begriffen mar, 28. Cepter. und bemächtigten fich ber Schiffe fammt ber toftbaren Beute, die man auf brei Millionen Ducaten berechnete. Unter den Gefangenen maren Moslemen von vornehmer Bertunft, auch mehrere Frauen und Madden von feltener Schonheit. Freudig fuhren die Sieger nach der Insel Creta, mo fie auf der Rhede von Kalismene Erfrischungen einluden und bei den venetianischen Bewohnern freund. Schaftliche Aufnahme fanden. Diese Borgange tamen der Rriegspartei in Conftantinopel fehr zu ftatten: mit Beforgniß melbete ber venetianische Bailo bei ber Pforte feiner Regierung, welch ungeheure Rriegsruftungen im gangen Reiche gemacht wurden: auf ben Schiffwerften, in den Baffenschmieden, in allen Bertftatten berriche bie größte Thatigfeit. Auf die Frage nach der Urfache wurde ein Kriegszug gegen Malta angegeben. Dies war nur eine Täuschung: man erinnerte fich noch zu gut, welch' schlimmen Ausgang einst der Angriffs- und Belagerungstrieg gegen die Felfeninfel genommen. Gegen die Benetianer auf Canbia. Candia sollte ein Schlag geführt werden. Man machte im Serail geltend, daß die Marcusrepublit ben Maltesern immer Borschub leiste und Schut gewähre; daß Candia als Bufluchtsftätte für alle driftlichen Auswanderer biene, die fich in Griechenland, auf Morea, auf ben Inseln bes Archipel ber türkischen Herricaft zu entziehen suchten; daß ein christlicher Staat in der unmittelbaren Rabe des Osmanenreiches eine Schmach und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hohe Pforte fei.

Ja es konnte sogar nicht mit Unrecht behauptet werden, daß die Insulaner lieber unter ber Bobeit bes Sultans fteben murben als noch langer bie Bwingberrichaft ber felbstfüchtigen und hartherzigen Raufherren tragen. Denn die Benetianer hatten in ben vierhundert und vierzig Sahren, mabrend welcher fie Berren der fruchtbaren gunftig gelegenen Insel waren, wenig gethan, Die griechische Bevölferung, insbesondere die Sphafioten, die fraftigen und ftreitbaren Urbewohner in ben "weißen Bergen" für fich zu gewinnen. Bie vieler Sandlungen berge lofer Intolerang hatten fich die Lehnsritter von St. Marcus ichnibig gemacht! Bie oft hatten die lateinischen Colonisten in ben Rampfen gegen die ihre Freiheit und ihr Eigenthum vertheidigenden Candioten zu den Baffen Lift und Berrath gefügt! Bie manche blutige Unthat, oft mit lufterner Frauenschandung verbunden, war im frevelhaften Uebermuth von den abendlandischen Berren verübt morben!

Bor fiebengig Jahren, als bereits die Angriffe der Osmanen und ber Corfaren die Sicherheit der Insel bedrohten, hatte die venetianische Regierung felbft die Rothwendigkeit erkannt, burch eingreifende Refbrmen des flaatlichen und focialen Lebens in den Insulanern eine gunftigere Stimmung ju erweden und ben Ausschreitungen bespotischer Grundherren und Beamten zu wehren. Bu dem Behuf hatte fie den ftaatsflugen Giacomo Foscarini als Statthalter mit ben ausgebehnteften Bollmachten nach Candia geschickt (1574). Bahrend einer vierjahrigen dictatorischen Berwaltung traf ber eben fo berftandige als gerechte Mann mit ficherer Sand Ginrichtungen und Reformen, welche geeignet ichlenen, ein befferes Berhaltniß amifchen dem berrichenden Stamm und ber griechischen Bevollerung berguftellen. Aber bas Spftem ber Gewalt und Bebrudung war ju tief gewurzelt; Die alten Schaben und Gebrechen fonnten nur nothdurftig gebeilt werden; ein auf Boblwollen und gemeinsame Intereffen gegrundete friedliches Busammenleben wurde nicht erzielt.

Der Camblos Der Signorie blieb es nicht lange verborgen, daß die Pforte die Absicht Erfte Beriode habe, der Republik die lette ihrer Bestigungen in den östlichen Gewässern, die schönste Berle aus bem einft so berrlichen Inselfrang zu entreißen: fie fab fic nach frember Bulfe um; aber wer follte Beiftand leiften? Spanien und Frantreich hielten einander gegenseitig in Schach; ber Papft und die italienischen Fürften waren freigebig mit Berfprechungen aber targ in Thaten. ber Schlacht von Lepanto noch möglich gemesen, ein Bund ber abenblanbischen Chriftenheit unter ber Megibe bes Papftes, tannte bei ben bamaligen Berhaltniffen nicht mehr erzielt werben. Und hat es benn die Marcus-Republik verdient, fo fragte man nicht gang mit Unrecht, daß fich bie driftlichen Staaten fo eifrig ihrer annehmen follen? Bat fie nicht felbst in allen Rriegen zunächst ihren eigenen Bortheil im Auge gehabt? Sat fie je aus Christenliebe, aus humanitat, aus Interesse für die abendlandische Gesammtheit an den Rampfen gegen die Ungläubigen Theil genommen? Go fab fich denn die venetianische Regierung auf ihre eigene Rraft angewiesen. Und diese gab fie auch mit gewohnter Energie tund. Ronnte fie auch der türkischen Armada, welche 73 Segel ftark unter dem

Oberbefehl des allmächtigen Juffuf-Bafcha im Fruhjahr 1645 das griechische Upril 1648. Inselmeer durchschnitt, ohne daß eine Friedenstundigung vorausgegangen, nur etwa die halbe Ariegestärke entgegenstellen, so waren dagegen ihre Galeeren beffer ausgerüftet und bemannt und die Flottenführer Gironimo Morofini und Marino Capello waren erfahrene Seemanner. Um fo mangelhafter ftanb es mit ben Bertheibigungsauftalten auf der Insel selbft: Die Lehnsritterschaft und die Landmiliz waren weder zureichend noch tampfbereit. Als die türtische Flotte, welche die Südfuste von Morea umfuhr, um die Meinung zu bestärken, es sei auf Malta abaeseben, und erst vor Ravarino die Richtung anderte, am 24. Juni in der Bai von Gogna, 18 Miglien weftlich von der Safenstadt Canea landete, wurde Die venetianische Bevölkerung ber Insel von Schreden und Befturgung Bon ber See- und Landseite belagert und von ichwerem Geschut erariffen. bedrangt, mußte fich Canea, Die ftartite Reftung ber Rufte, tros ber umfichtigen und tapfern Saltung des Proveditore Antonio Ravigiero dem Rapudanpascha 17. Ausvertragsweise auf freien Abjug ber Besathung ergeben. Der Sieger ließ die btci hauptfirchen in Moscheen umwandeln und fandte die schönften Anaben und Radden toftlich gefleidet dem Sultan als Beute zu. Dennoch schien ber Erfolg allzu gering im Bergleich mit den aufgewandten Roften und den großen Opfern, welche ber Belagerungefrieg geforbert, und es gelang ber Gegenvartei, ben Großwefir Sultanfade-Mohammed an der Spite, den Rapudanbascha zu verdächtigen. Benige Bochen nach feiner Ankunft in ber Hauptstadt wurde Juffuf-Bascha ent. 3an. 1646. Aber ein Umschwung in der Kriegspolitik erfolgte darum doch nicht: weder die Thatigkeit der Friedenspartei noch die Bermittlungsversuche des frangöfischen Gesandten Barennes waren von Erfolg gefront; Ibrahim war zu sehr über die Graufamkeiten ergrimmt, welche während ber Beit die Benetianer in Batras und auf den Inseln an den gefangenen Saracenen berübt. denn der Rrieg auf der Infel und jur See seinen Fortgang. Die Berlufte wurden auf beiben Seiten burch neue Anstrengungen ersett. Um die Einnahmen ju mehren griff die Signorie ju manchen bebenflichen Mitteln: Staatsguter wurden veräußert, freiwillige Beitrage gesammelt, die Rirchenguter besteuert, Abel, Acenter und Chrenftellen vertauft; um bestimmte Gelbsummen tonnten neue Familien die Eintragung in das goldene Buch erlangen, junge Robili vor dem gesehmäßigen Alter in den Rath eintreten, Berbannte die Rudfehr in die Baterftadt erwerben.

Es würde dem Awed des Buches wenig entsprechen, wollten wir den Arieg, Die Revolusder mit einigen Unterbrechungen vierundzwanzig Jahre dauerte und nicht nur in Sexall. Candia und in dem Archipel, sondern auch in Dalmatien und anderwärts gessührt ward, in seinen Einzelheiten verfolgen; es kann uns nur obliegen, den allgemeinen Gang und die Resultate zu verzeichnen und die Folgen anzudeuten, welche derselbe für die Marcusrepublik gehabt hat. Der Obervogt (General-Proveditore) der Insel, Andrea Cornaro war bei aller Umsicht und Tapferkeit

### C. Die pprenaische und bie apenninische Salbinfel.

nicht im Stande, den Siegeslauf der Türken zu hemmen : nicht nur, daß sie im Befit von Canea blieben, im Rovember nahmen fie unter der Führung des 23. Nov. energischen Sussein-Bascha auch bas feste Rettimo mit Sturm und ichlugen bann ihre Belte in ber Rabe ber Sauptstadt Candia auf. Um die Beit, da die venetianische Flotte im Archipel burch einen Sturm großen Schaben nahm und ber tapfere und geschickte Abmiral Battifta Grimani dabei seinen Tob fand, Juli 1648. fchritt Suffein-Pascha jur Belagerung von Candia. Einige Bochen nachber brang die Runde ins Lager, daß ber Großwesir Ahmed-Pascha von den Janitscharen und Sipahi ermordet, der Sultan felbst zuerft entihront und dann im Auguft 1648. duftern Rerterraum erdroffelt und fein fiebenjähriger Gohn als Mohammed IV. Mobammeb IV. 1648 zur Burde eines Padischa erhoben worden sei. Der Mufti und die Ulema selbst festen ben Staatsitreich ins Bert, burch welchen ber unfahige wolluftige Schmad. ling, ber fich von Beibern und Gunftlingen in der unwürdigsten Beife be berrichen ließ, burch die brudenbsten Steuererhebungen die Gelbsummen für feim finnlose Berichwendung beitrieb und durch graufame Despotenlaunen und Billfurhandlungen die Sicherheit des Reichs gefährdete, mittelft gewaltsamer Absehung bom Regiment entfernt und aus der Belt geschafft mard. Die Bertzeuge ber Revolution geriethen barauf über bas Blutgelb, bas ihnen als Preis gereicht werben mußte, unter fich in Streit, fo bag über taufend Sipahi und Bagen von ben Sanitscharen niedergehauen wurden.

3meite Beriobe bee

In Benedig hoffte man, die Thronveranderung wurde bem Rrieg ein Ende Rriegs. An- machen. Die Signorie gab fich baher alle Mibe, theils durch birette Berhand-Morbitande, lungen in Conftantinopel felbft, theils durch die Bermittelung der europäischen Machte zu einem friedlichen Abkommen mit ber Pforte zu gelangen. neuen Machthaber waren der Anficht, daß friegerische Erfolge gegen die Christm das befte Mittel seien, die gabrende Sauptstadt zu beruhigen, das mobammedanische Bolt mit ber neuen politischen Lage zu verfohnen und ihr eigenes Regiment zu befestigen. Done die Abtretung von Candia wollten fie nichts von Frieden hören; als diese Bedingung in dem von der Signorie dargebotenen Friedensantrag nicht enthalten war, gerieth ber Großwesir Mohammed-Pascha in folden Born, daß er den venetianischen Bailo in den Rerter werfen und den 1649, erften Dragoman Grillo hinrichten ließ. Bu einem folden Opfer tonnte man fich aber in Benedig nicht entschließen, baber wurde der Rrieg mit neuem Gifer 1650. fortgeführt. Aber bant ber festen Lage ber Stadt Canbia und bem belbenmuthigen Biberftande ber Befahungstruppen hatte die Belagerung feinen Fortgang. Das türkische heer wurde durch Ausfälle, Strapazen und Entbehrungen hart mitgenommen. Bugleich gewann bie venetianische Flotte unter Mocenigo, bem Generalcapitan bes Meeres, zwischen Baros und Raros einen glanzenden turkifche Sauptftadt in fieberhafter Aufregung gehalten mard, neue Rahrung

Buni 1851. Seefieg, ein Ereigniß, bas ben Umtrieben und Parteitampfen, von welchen die gab. Ein Aufstand brangte ben andern; bis in bas Serail, bis in bas Frauen gemach bes Babischah drang ber Mordstahl; auf Martt und Strafe herrschte Unficherheit bes Lebens und Gigenthums; Mungverschlechterung, Steuerbrud, Finangverwirrung führten anarchische Buftanbe berbei. Die Regierung mar ohne Rraft und Autoritat. Dan batte benten follen, daß bei folcher Lage ber Dinge die Benetianer entschieden die Oberhand hatten erlangen muffen; allein bie Republit mar bereits ju febr erfcopft, die Aufgabe, an verschiedenen Orten zugleich gegen eine militarische Großmacht anzukampfen, zu schwierig, als baß man aus der Bermirrung des feindlichen Reiches große Bortheile hatte gieben tonnen. So geschah es, bag ber Rrieg von Jahr zu Jahr fortbauerte, nur mit geringerem Rraftaufwand und ohne namhafte Borfalle. Suffein-Pafca errichtete in ber Rabe von Candia mehrere Forts, von wo aus er die Stadt bebrangte, benn an ein Aufgeben ber Insel von Seiten ber Turten war nicht au benten. Als der Bailo Giovanni Capello eine folde Forderung stellte, wurde 1663. er ausgewiesen und in Adrianopel ins Gefangniß geworfen. Un ben Darbanellen und im agaifchen Meer wurden Jahr aus Jahr ein Seetreffen geliefert, welche die Rothstande in beiden Reichen mehrten ohne eine Entscheidung berbeiguführen. Ein rühmlicher Sieg, ben bie Benetianer im Juni 1656 über die osmanische Flotte am Ausgang ber Dardanellen davontrugen, brachte dem tapfern General- 26. 3uni capitan Lorenzo Marcello den Tod.

Das türtifche Reich mar in ber außerften Bebrangniß, als Mohammed IV. Dritte Bejur Bolljährigfeit tam und auf Anregung feiner Mutter, der flugen und fraft. Rriege. Die vollen Sultanin Balide, den Albaneser Mohammed Röprili zum Großwestr mit 1656-1666. faft unbeschränkter Gewalt ernannte. Bir werden diefem bedeutenden Manne und feinem noch größeren Sohne Achmed Röprili auf einem andern Rampfplat begegnen; benn neben ben Rampfen jur See und auf Candia mar auch in ben Donaulandern und in Dalmatien ein wechselvolles Rriegsdrama im Gang und in Uffen tonnte eine Emporung nur burch bie blutigften Mittel unterbrudt merben. Die neuen Befire mußten ben altvaterischen Geift zu entzunden, Rriegs. muth, Nationalgefühl und Fanatismus ju weden und durch Reformen in ber Berwaltung und im Beer- und Seewesen innere Ordnung, außere Ariegstüchtigfeit und eine bobere Seelenstimmung au ichaffen. Run nahmen die Dimanischen Dinge einen neuen Aufschwung; in einer großen breitägigen Seefchlacht bei ben Juli 1657. Dardanellen gerieth bas venetianische Abmiralschiff burch einen Schuß in Die Bulvertammer in Flammen, wobei der Generalcapitan Mocenigo und fein Bruder Francesco den Tod fanden; die Inseln Tenedos und Lemnos wurden der Republik entriffen und vor Candia ericbien Muftafa-Pafcha mit neuen Streitfraften und übernahm den Oberbefehl über bas Belagerungsbeer an ber Stelle von Suffein-Bafca, der bei den neuen Machthabern nicht in Gunft ftand. Gine frangofische Bulfsmannschaft, die auf venetianischen Galeeren nach der Insel segelte, erntete 1660. wenig Ruhm: die Unfähigkeit ober Treulosigkeit der Führer und die Insubordination der Soldaten wirtten fo lahmend und entmuthigend, daß ihre Abführung

ben Benetianern als eine Erleichterung erschien. Es zeugt von der ungemeinen Lebensfraft und ben reichen Sulfsquellen bes republifanischen Staates, daß er unter folden Umftanden bennoch ben Rampf ohne Unterbrechung fortzuseten vermochte, wenn auch mit ichwindender Energie und unter gleichzeitigen Bemub. ungen, Frieden zu erlangen. Der Rrieg gegen Ungarn und Desterreich, ber, wie wir später erfahren werben, die turtifchen Streitfrafte nach ben Donaulandern gog, bewirfte, bag in ben sechziger Sahren die Baffengange auf Candia nur mit geschmächten Anstrengungen weiter geführt wurden: Die Benetianer hofften aus den Ungarnkriegen auch einige Bortheile für fich zu erlangen und setzten daber ihre letten Rrafte ein, fich auf der Infel fo lange als möglich zu behaupten.

1664. Birklich schien es auch, als die Schlacht von St. Gotthard die driftliche Belt mit neuen Soffnungen, die Ofmanen mit Beforgniß erfüllte, bag es zu einer Berftandigung zwischen ben friegführenden Staaten auf Brund einer Ebeilung ber Berrichaft über bas Infelreich tommen follte; allein sowohl im Rathe ber Pregadi als bei ber Pforte behielt die Rriegspartei die Oberhand: dort verließ man fich auf auswärtige Sulfe, hier betonte man, daß die Ehre und Dajeftat bes Großherrn und die Burde und ber alte Ruhm bes Ofmanischen Reiches die Fortsetzung bes Rrieges verlangten, bis ber lette Steinhaufen auf Candia den driftlichen Reinden entriffen mare.

Ariegerische Der Baffenstillstand mit Vesterreitz gestunden von Der Baffenstillstand mit Vesterreitz gestund von Der Baffenstillstand mit Vesterreitz gestund v Der Baffenstillstand mit Desterreich geftattete ben Turten, ihre Streitfrafte

Achmed Röprili felbst übernahm die Führung bes Feldzugs und schiffte mit neuen 1666. Truppen von Isdin (Beituni) nach der Insel hinüber. Aber auch im Abendland wurden neue Anstrengungen gemacht: Papft Clemens IX. sab die Rettung der driftlichen Insel inmitten ber Ungläubigen für die Sauptaufgabe feines Pontificate an; er unterftutte die erschöpfte Republit mit Gelb, mit Schiffen und Bulber und mit papftlichen Truppen unter bem Oberbefehl feines Reffen Bincenzo Roipigliofi und gestattete ber Signorie die Einziehung und Beraußerung eines Theils der geiftlichen Guter; Ludwig XIV., wenn er fich gleich butete burch thatige Theilnahme die Pforte zu reigen und die alte ihm in seiner feind. seligen Stellung zu Desterreich-Spanien bamale mehr als je vortheilhafte Allianz mit ben Dimanen zu gefährden, geftattete boch, daß einige friegeluftige Ebelleute, wie die Marquis de Ville und de St. André Montbrun und der Duc de la Feuillade im Beifte der Rreugfahrer mit ihren Baffenknechten den bedrangten Chriften im Morgenlande auf eigene Band ju Bulfe eilten, und gablte bie Subfidiengelber fort, welche ichon feit Magarin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ber Marcusrepublit gemahrt hatte. Bei Raifer und Reich in Regensburg batten bie Bitten der Signorie und die Berwendung des Papftes wenig Erfolg : es dauerte lange bis fich Raifer Leopold entschloß, ein Sulfscorps von 3000 Mann abaufciden, und bon ben beutschen Reichsfürsten zeigten fich nur die Bergoge bon Braunschweig und Lauenburg bereit, brei Regimenter unter bem bemabrten

Gelbheren Jofias von Balbed der Republit zukommen zu laffen. Sie hatten ben traurigen Ruhm, an ben letten Helbenkampfen in Candia Theil zu nehmen.

Die Ankunft Achmed Roprili's mit betrachtlichen Berftartungen gab dem Ausgang bes insulanischen Rrieg neues Leben. Die Benetianer erkannten Die ernfte Absicht tifden ber Ofmanen, in bem ichon fo lange bauernben Rampf eine endgultige Ent -- 60. icheibung berbeizuführen. Diefem Borbaben beichloß bie Regierung von San Marco auch ihrerseits mit allen Rraften, die fle aufbringen konnte, zu begegnen. Und so seben wir noch einmal Morgenland und Abendland, Christenheit und Islam fich zu einem Riefentampfe maffnen, wie er in fruberen Jahrhunderten zeitweise zu Tage getreten ift. Saft bie gange Insel war bereits in ber Gewalt ber Turten; Die alten Sinwohner, vor Allem Die maffentundigen Sphafioten trugen ben Benetianern, welche ihre Berrichaft fo oft zu Gewaltthaten gegen bie griechischen Candioten migbraucht hatten, fo beftigen Dag, bag fie den Mohammedanern auf alle Beife Borfchub leifteten. Go gog fich in ben zwei letten Jahren ber Rrieg ganglich um die Hauptstadt Candia mit ihrem Rrang bon Bastionen, Bollwerken und Befestigungen aller Art zusammen, welche die Türken durch ihre weiten Belagerungsanstalten, burch Geschut und Minenwerte eben fo icharf bebrangten und bedrohten wie bas vereinigte Christenheer, bas fich fort und fort burch Buzuge von Freiwilligen aus allen Ländern verftartte, dieselben zu vertheidigen suchte. Seit dem Belagerungefrieg auf Malta hat die Geschichte faum eine andere Baffenthat ju verzeichnen, welche an Belbenmuth und großartigem Ringen, an Anstrengungen und Ausbauer ben Rampfen vor und in ber Stadt Candia zu vergleichen mare. Den Oberbefehl über die Landmacht hatte die Signorie bem Marquis Giron Francois de Bille anvertraut, einem frangöfischen General, ber seine Bertunft von dem Rreugzugeritter Billehardouin herleitete und deffen Ahnherr bei Lepanto gefochten hatte, während die Flotte unter bem Oberbefehl bes Generalcapitano Francesco Morofini ftand. Als be Bille, der fich mit dem General-Brobeditore Antonio Barbaro nicht vertragen Mai 1668. tonnte, im Frubiahr zu feinem Rriegsberen bem Bergog von Savogen gurud. tehrte, tonnte er im Rathe ber Pregadi noch die Soffnung auf einen fiegreichen Ausgang bes Rampfes aussprechen; benn wie vielen Schaden auch bereits die Batterien Köprili's und Rara Mustafa's den Forts und Mauern zugefügt hatten, so war boch weder der Muth der Truppen, über welche jest der greise General St. André de Montbrun, ein Sugenotte den Oberbefehl führte, noch die Biderftandetraft der Festung gebrochen. Und als im Juni des folgenden Jahres der 6. Juni 1669. Duc de Ravailles und der Großadmiral François de Bendome Herzog von Beaufort, mit neuer Mannschaft, darunter manche Glieder der ersten frangofischen Abelsgeschlechter, maltefische Ritter und mancherlei Kriegsvolt aus Italien und Deutschland fich nach Candia einschifften, flieg die Buversicht in Benedig auf lolde Bobe, daß die nach schwebenden Friedensberhandlungen in Conftantinopel abgebrochen wurden. Doch wie balb follten diese Hoffnungen zerrinnen! In

Benedig hatte man teine Ahnung von der verzweifelten Lage ber Inselftadt! Auf die Runde von dem Raben ber neuen Sulfsmannschaften hatte ber Befir alle Rrafte eingesett, die Belagerung ju Ende ju führen. Als bas frangofische Befcmader in ben hafen einlief, war Candia faft nur noch ein großer Stein- und Trümmerhaufen. Es hielt fcwer auf bem mit Ruinen bedecten, von Minen unterwühlten Boden festen Ruß zu faffen. Fast alle Gebaude maren beschädigt, die Rirche des beil. Titus, des Schutpatrons der Stadt aufammengestürzt, die Straßen mit Geschoffen und Granatsplittern überfaet; überall Leichen, Berwundete, Berftummelte! Schon im Mai mar ber Befehlshaber Catterino Cornaro burch eine Bombe dahingerafft worden. Dennoch wagten die Belagerten ermuthigt durch die neuen Berftartungen einen Ausfall, ber Anfangs guten Fortgang batte, bann aber in Folge einer Bulberegplofion jur Riederlage fich geftaltete. Unter ben 25. Juni Getöbteten mar auch ber Bergog von Beaufort, von beffen Leichnam feine Spur 24. Jali mehr entbedt ward. Gin Seetreffen im Bafen führte neue Berlufte an Mannschaft und Schiffen berbei. 3m nachsten Monat fand auch Balbed, ber mit ben beutschen Reichstruppen ftets die gefährlichsten Stellen ber Bollmerte vertheibigt 8. Auguft. und bereits mehrere Bunden empfangen hatte, mit vielen braben Baffengefährten ben Tob. An dem Ausgang verzweifelnd und mit Morofini und Montbrun in fortwährendem Sader Schiffte fich Navailles mit bem größten Theil der frango. 20. August sischen Armee nach Frankreich ein; die papftlichen und maltesischen Galeeren folgten bem Beispiel. Als ber Bergog Aleffandro Bico bella Mirandola noch mit etwa 600 Mann, bem Refte einer burch Rrantheit aufgeriebenen Bulfs. mannschaft, in die bedrängte Festung einzog, betrug die Besatzung taum mehr 24. Ausuft. als viertausend tampffähige Manner. Benige Tage nach der Abfahrt der frangöfischen Offigiere unternahm Roprili einen Sturm. Durch die Gewalt der Minen wurde er gludlich und mit großem Berlufte fur die Turten gurudgeschlagen. Aber augleich waren die wichtigsten Bastionen St. Andrea und Sabioniera so beichadiat, daß die Festung teinen neuen Angriff mehr aushalten konnte. Da ber-27. August sammelte Morofini einen Rriegerath, um die Uebergabe in Borfchlag zu bringen. Der Probeditore Bartolomeo Grimalbi und der Marquis von Montbrun meinten. man folle die Stadt in die Luft sprengen und fich unter ihren Ruinen begraben; ein folder Ausgang fei allein eines folden Belagerungefrieges murbig. Die übrigen stimmten jedoch diesem beroischen Borschlag nicht bei. Bielmehr murden

6. Sept. mit dem Großwesir Unterhandlungen eingeleitet, welche zum Abschluß eines Bertrags führten, fraft dessen die Benetianer innerhalb drei Wochen die Insel verlassen und Candia bis auf das Fort Suda und zwei andere Werke fortan den Osmanen überliefern sollten. Rachdem sich die Besatung und fast die ganze Ein-

27. Sept. wohnerschaft eingeschifft hatte, empfing Achmed Köprili auf dem durchbrochenen Wall von St. Andrea in einem filbernen Beden die 83 Schlüffel der Stadt, der

1670. Festungswerke und ber öffentlichen Gebaube. Die Signorie bestätigte nach einigen Bebenken ben Capitulationsvertrag und schloß im nächsten Jahr mit ber Pforte

den Frieden von Salona, welcher der Republik der Besitz von Dalmatien mit 24. On. der vielumstrittenen Stadt Clissa (Ris) unweit Spalatro sicherte.

So endete der denkwürdige Krieg auf Candia, welcher die Marcusrepublik nicht weniger als 126 Millionen Ducaten gekoftet hat, mit dem Berlufte der letten nambaften Besitzung der Benetianer in der Lewante. Morosini hatte nach seiner Rüdkehr bestige Angrisse von Seiten einer Gegenpartei zu erleiden; aber er wurde von der Anklage losgesprochen und von dem Bolke als "der lette Benetianer" verehrt. Dem Papst Clemens IX. ging der Fall von Candia so zu Herzen, daß er noch vor Ende des Jahres kummervoll in das Grab sank.

Die Marcusrepublit tonnte die Berlufte nicht verschmerzen; fie betheiligte Die lehten nich baber in ben achtziger Sahren an bem großen Rriege gegen bie Turten, ben ber Benewir spater kennen lernen werden. Babrend die Ofmanischen Baffen in ben Donaugegenden beschäftigt waren, suchten fich die Benetianer unter Morofini und die deutschen Soldnertruppen, die der Graf von Ronigsmart für die Republik ind Feld führte, wieder in Morea festzusepen. Im Bunde mit den Mainotten 1686. und andern griechischen Bolkerschaften ließen fie fich in Navarino, in Rauplia und an andern Orten ber Salbinsel nieber. Bis nach Athen und Theben brangen die italienischen und beutschen Truppen vor; eine Bombe schlug in das türkische 1000. Bulbermagagin im Barthenon, wodurch die gange Afropolis, bas großartige Set. 1887. Runfibenkmal bes Alterthums in Trummer fant; die marmornen Lowen manderten aus dem Biräeus vor die Thore des Arsenals von Benedig; man ernannte Berwaltungsbeamte, die bem Proveditore von Corfu untergeordnet fein follten; man traf Anstalten zur Eroberung von Negroponte. Go dauerte ber Rrieg in ben griechischen Gemässern, auf ben Infeln und in Hellas und Dalmatien mit großen Anstrengungen und abwechselnden Erfolgen fort bis zu Ende des Sabrhunderts. Ronigsmart fand bor Negroponte feinen Tod. Girolamo Cornaro der Generalcapitan des Meers eroberte das feste Malvasia, starb aber bald darauf 1690. an einer Rrantheit in Aulona; auch Morofini erlebte ben Ausgang bes Krieges nicht; im Januar 1694 ging der Seld zu Nauplia aus der Belt. Sein Rach. 6. 3an. 1694. folger auf ber Flotte mar Antonio Beno; er erlitt durch die Türken eine Niederlage bei Chios, die man feinem ungeschickten Berhalten auschrieb. Er wurde baber in Retten nach feiner Baterstadt gebracht, wo er mahrend der triegsgerichtlichen Untersuchung ftarb. Der Friede von Carlowicz, der im letten Sahr bes Sahr- 26. 3an. hunderts jum Abichluß tam, gemährleiftete ber Republit den Befit von Morea und einigen umliegenden Inseln, wie Santa Maura, Aegina, Bante, wogegen die übrigen Eroberungen im Archipel und in Griechenland guruckgegeben werden mußten. Auch in Dalmotien wurde eine Grenzlinie bestimmt, welche die Rufte mit ihren Stadten und Castellen den Benetianern zusicherte. Rur Ragusa sollte ein unabhängiges Gemeinwesen bilden. So ging die Signorie von San Marco noch einmal mit Ruhm geschmudt und hochgeehrt von den europäischen Mächten aus bem gewaltigen Rampfe wider die ofmanische Großmacht hervor. Es waren die letten Erophaen.

#### 346 C. Die pyrenaische und die apenninische Salbinsel.

#### 6. Italienisches Culturleben im 17. Jahrhundert.

Das politische Rleinleben der früheren Beit war der geiftigen Productions. Literatur und Runft im Miebergang. fraft forberlich gewesen: bas Talent tonnte fich naturgemaß und felbstanbig entwideln und die Liberalitat und ber Reichthum ber fürftlichen Saufer gewährte Mittel und Gelegenheit daffelbe werkthatig ju außern. Im gebnten Bande (S. 299 ff.) ift die Bluthezeit ber italienischen Runftthätigfeit eingebend besprochen und auch die Beriode des Berfalls, die fich in das fiebzehnte Sahrhundert bereinzieht, in ihren bervortretenden Richtungen und Abwegen angedeutet worden. Die schöpferische Rraft, die wir in den großen Berten ber "Cinquecentisten" bewundern, ging mehr und mehr ju Grabe. Der geiftige Drud, ber von der Rirche wie von ben kleinen Despoten ausgeübt wurde, bemmte die frühere Regsamfeit auf den Bebieten der freien Runft und Literatur; an die Stelle des freudigen Bervortretens des inneren ursprunglichen Genius und der idealen Gestaltungen trat Reflexion, Regelzwang, Runstelei; Schlaffheit, Berweichlichung, Sinnengenuffe beherrichten bas gefellschaftliche Leben; bas Bohlgefallen an außerer tobter Prachtentfaltung erbrudte und erftidte bas Feuer ber Seele, bas in eigenthumlichen, mannichfaltigen Erzeugniffen und Formen fich tundzugeben pflegt. Man zehrte von der großen Bergangenheit und ahmte die Berte der Borfahren nach. In ber Lyrit lehnte man fich an die flangvollen, aber gebantenarmen Sonette und Cangonen Petrarca's an ober folgte ben griechischen und romischen Odendichtern; im Belbengedicht blieb Lodovico Ariosto das unerschöpfliche Borbild für die gange Folgezeit.

1552-1637

. Unter Ariofts Rachahmern erlangten ben größten Ruhm : Gabriello Chiabrera, Chiabrera den wir bereits als fruchtbaren Lieder- und Odendichter kennen gelernt haben (X, 355), Berfaffer von mehreren epifden Gedichten ("das befreite Italien"; "Amadeida"; "Bloren;"; Forteguerra "Roger") und Riccolo Forteguerra von Biftoja durch fein großes romantifch-humoriftifches Belbengebicht "Richarbett" in 20 Gefangen aus bem farolingifchen Sagentreis mit manden satirischen Anspielungen auf die Gegenwart. Das Epos Fortequerra's, das man trop mander Abweidungen in den geschichtlichen Angaben eine Fortsetzung des "Rafenden Roland" nennen konnte, ift nicht ohne Big und Phantafie; doch tragt der Dicter die tomischen und satirischen Farben ftarter auf als Arioft. Selbst die eingige Gattung, die im siebenzehnten Sahrhundert mit Glud behandelt murde, das eigentliche tomische Epos, lehnte fich, wie wir aus X, 354 f. wissen, an Ariost an, mag Taffoni nun Aleffandro Taffont bon Modena durch feinen "Geraubten Cimer" ober fein Beit-Bracciolini genoffe Francesco Bracciolini durch feine "Berspottung der Gotter" ber erfte Be-1566—1645. grunder gewesen sein, ein Prioritatsftreit, der einft in Italien mit großer Beftigkeit durchgefochien ward. Der lebergang von Ariofto's heiterer Ironie zu Laffoni's und Bracciolini's tomischem Scherz und Spott war nur ein kleiner Schritt.

Drama und Oper.

1565-

Einer größeren Pflege erfreute fich die italienische Buhnendichtung und zwar zunachft in der melodramatischen Sattung und ber Oper, beren Entflehung wir früher (X, 353) tennen gelernt haben. Satte die Mufit von jeher in dem italtenischen Schaufviel und insbesondere in ben Schaferftuden eine bedeutende Stellung behauptet, fo wurde fie jest in den Buhnenftuden des auch in der historischetritischen Literatur thatigen Benetianers Apoliolo Beno und bes Bietro Antonio Metasta fio aus Affis, die beide Beno 1880 bas Amt eines taiferlichen Gofbichters unter Rarl VI. in Bien befleibeten, fo febr jur Beiofiaf hauptfache, daß allmablich die Dichtung hinter die Ruft jurudtrat. Die Anlage und 1648-1782. Reigung der Italiener jur Contunft und bor Allem die Beitrichtung, die an Schauge prange und Festlichteiten, an allen auf Sinnenreig berechneten Darftellungen Boblgefallen fand, begunftigten die Berbindung verschiedener Runfte ju großen Effettftuden, das Ueberwuchern des Gefangs und der Mufit über Dialog und bramatische Entwidelung. Es wurde bereits erwähnt (XI, 775 f.), daß die Oper hauptfachlich jur Berberrlichung der großen Goffefte biente : je mehr nun folde Reftlichteiten und Schauftude dem Sefcmad der Beit und der bornehmen Sefellschaft entsprachen, defto mehr Pflege und Sorgfalt fand auch die Oper, fo bag bas italienische Theater vorzugsweise ju mufitalifc-dramatifden Aufführungen und Schaufpielen gebraucht ward. Die fürftlichen Bofe in Modena, Mantua, Florenz wetteiferten mit einander in leibenfchaftlicher Be- Soffefte und gunftigung folder Bruntvorftellungen; Die befte Oper, Die gefdidteften Ganger und gedungen. Schauspieler zu befigen mar ber Ruhm, nach bem man in allen hauptflabten burftete. Am florentintichen hof mar die Liebhaberei des Erbpringen Ferdinand für bas üppige, judt- und fittenlofe Schauspielerwefen die haupturfache großer Berwürfniffe zwischen Bater und Sohn. Und mit welcher Prachtentfaltung wurden die fürftlichen hochzeiten gefeiert, besonders wenn es galt auswärtigen Brauten ben Glang und die Berrlichkeit italienischer Lebensformen und Aunftbildung ju zeigen! Als der Erbgrofherzog feine baperifde Braut, die ihm dann in der Che fo wenig Freude bereitete, in die Arnoftadt heimführte, als der Aurfürft von der Pfalz Johann Bilbelm die Tochter Cofimo's III. Anna Luigia nach Beibelberg abholte, als eine zweite baberifche Pringeffin, Dorothea Sophia von Pfalg-Reuburg fich mit Oboardo von Barma vermählte und die Bittme ihres Schwagers, Anna Maria Franzista von Sachsen-Lauenburg, Die bedeutende Befitzungen in Bohmen batte, mit bem zweiten Sohne Giovan Safton einen Chebund schlof: welche Festlichkeiten und Bolkbelustigungen wurden da nicht veranstaltet! Und doch entsprach auch diese Che keineswegs ben Erwartungen.

Richt viel fruchtbarer war die Lyrit, wenn auch noch etliche Dbenbichter, die fic Borit. horaz oder Pindar zu Borbildern mählten, mit einigem Talent und Erfolg die poetische Leier anschlugen. Bon bem Grafen Fulbio Lefti, ber in Folge einer hoffabale als Tefti 1503— Staatsverbrecher in einem Rerter ju Mobena fein Leben folog, ift fruber bie Rede gewefen (X, 355). Auch die beiden lyrifden Dicter Aleffandro Guidi aus Bavia und Guibi 1650 Beneditt Mengini bon floreng, welche fich in Rom der Gunft und Unterftugung der mengini Ronigin Chriftine bon Someden zu erfreuen hatten, gingen bon der fowulftigen 1646-1704. Ranier, der fie Anfangs gehuldigt, auf die Alten jurud. Ueberhaupt übte die nordifche Corifinevon Königin während ihres langen Aufenthalts in der papfilichen Stadt einen wohlthätigen Schweben. Einfluß auf die italienische Boefie und Redekunft. Das Ueberladene, Gesuchte, Crfünstelte, an dem die Beit Gefallen fand, war ihrem Maren verständigen Geift zuwider. Sie grundete eine Gefellichaft fur poetische und literarische Uebungen in ihrem Saufe, unter deren Statuten das vornehmfte war, "daß man fich der fowalftigen, mit Metaphern überhäuften modernen Manier enthalten und nur der gefunden Bernunft und den Ruftern des Augusteischen und Mediceischen Beitalters folgen wolle". Es macht einen sonderbaren Cindrud, bemerkt Ranke, wenn man in der Bibliothet Albani ju Rom auf die Arbeiten diefer Academie ftoft, Uebungen italienischer Abbaten, verbeffert von der hand einer nordischen Konigin. Aus diesem Berein entwidelte fich die Arcadia, eine Academie, welche wie die Erusca ober "Rleiengefellschaft" in Florenz (X, 352) in die literarifche Debe und Berirrung Diefes manierirten Beitalters noch einige gefunde Lebensluft einführte. Chriftinens Beispiel, Rath und Urtheil trug nicht wenig zu ber

Bewegung ber Beifter bei, die gegen bas Ende bes Jahrhunderts einen Umfowung in

allen Breigen geiftiger und funftlerifcher Thatigteit erzeugte. Die neue eblere und freien Richtung ber Boefie fundigte fich an in bem von der nordischen Ronigin gleichfalls be-

Billeaja gunftigten Florentiner Bincenzo da Filicaja, der fich eben fo fern hielt bon dem geiftund gemuthlofen Betandel ber Betrarchiften, wie von der froftigen Rachahmung ber Alten. Bon tuhnerem Freimuth durchdrungen als die meiften feiner Beitgenoffen, magte er es in fraftigen fcwungvollen Canzonen und Oden feine Anfichten, Gindrude und Empfindungen über die ernften Beitereigniffe auszusprechen, feine Landsleute aufzurutteln aus dem Raufche der Sinne und der Sunde, der fie erfast hatte, und ihnen vaterlanbifde Begeifterung und politifches Intereffe einzuflogen. Unter feinen "Tolcanifden Boefien", die eben fo fehr burch den Bohllaut und die Barmonie der Sprace und des Bersbaues wie durch die Gediegenheit des Inhalts hervorragen, find die Oden auf die Befreiung Biens von den Turten am berühmteften geworden. In dem unübertrefflichen Sonette "Italia! Italia!" gab er zuerft den wehmuthigen Gefühlen der italienischen Batrioten über die traurige Lage bes Baterlandes Ausbrud, indem er ben Bunfc ausspricht, daß es gegen die Fremden weniger Reize oder mehr Rraft befigen moge, Gefühle, die mit ber Beit immer ftarter und allgemeiner wurden. Much die geschichtlichen Werke, welche trop der Ungunft der Berhaltniffe und der

Gefcicht=

Gefahren die einem mahrheitsgetreuen und vaterlandifch gefinnten Siftoriter drohten, gegen bas Ende des fiebengehnten und in den erften Decennien des achtzehnten Sabrhunderts zwei Gelehrte Muratori und Giannone zu Tage förderten, dienten dazu den Italienern anschaulich zu machen, wie groß ihr Baterland ehedem gewesen und wie tief Buratori gesunken es in der Segenwart sei. 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 aus dem Modenesischm legte durch seine fleißige und gewissenhafte Sammlung der mittelalterigen Chronisten und Siftorifer ben Grund zu einer umfaffenden Gefammtgefchichte Italiens und trat in seinen "Annalen von Italien" in Guicciardini's Fußtapfen (X, 349). Sein Beitgenoffe Giannone ber Reapolitaner Bietro Siannone jog fich durch feine "burgerliche Gefchichte des Ronig. reichs Reapel", worin er mit mannlichem Freimuth bas lichtscheue Treiben der Priefter-

schaft und ben bon Rom ausgebenden Beiftesdrud in lebendigen Bugen darftellte, fo febr den haß und die Berfolgung des papstlichen Stuhles und der gesammten hierardie ju, daß er fich nur durch die Flucht nach dem Auslande retten konnte, und als er nach langen Jahren von Benf aus den vaterlandifchen Boden wieder zu betreten magte, fiel er in die Bande ber machfamen Inquifition und murbe von Rerter au Rerter gefchleppt, bis er in der Citadelle von Eurin fein vielbewegtes Leben fcblog.

Bilbenbe Kunft.

Die bildende Runft feierte nur noch eine Rachbluthe, die fich an die großen Borbilder des fechzehnten Jahrhunderts anlehnte oder, wo fie eigene Bahnen fuchte, in eine tunftliche auf Effect berechnete Manierirtheit oder in einen grellen Raturalismus verfiel. Bir haben diefe Runftrichtungen, die fich in das fiebenzehnte Jahrhundert bereinziehen, früher kennen gelernt (X, 383-388), die Bolognefer Malerschule der Caracci, die Eflektiker Domenichino, Suido Reni, Suercino u. a., die Raturalisten Caravaggio, Spagnoletto und ihre Aunstgenoffen, fo wie den Barocifil in der Bautunft und Bildnerei, ber burch Bernini und Borromini feine vollendetfte Ausbildung erhalten bat. Bie fehr übrigens diefe Rachbluthe der funftlerifden Productionen den Schopfungen der großen Bergangenheit an Idealität und geistigem Inhalt nachsteht, fo liefert fie doch den Beweis, daß der Runftfinn des italienischen Bolles auch noch im fiebengehnten Jahrhundert fortdauerte.

Roch immer lebte die Luft zum Bauen, das Beftreben, Rirchen und Balafte, Anlagen und Bruden mit Statuen zu schmuden, in Rom, in Klorenz, in ben fürftlichen Refibengftabten fort und gewährte ber Runftthatigfeit Befchaftigung und Berdienft; aber wie fehr auch diese angeborne Reigung für funftlerische Berte, für monumentale Schöpfungen der Architectur und Sculptur dazu beitrug, ben italienischen Stadten felbit in ben truben Tagen bes Berfalls ein bornehmes Aussehen zu verleihen, über bas gange außerliche Leben einen Anftrich bon Elegang und Bildung au verbreiten, der die Fremden mit Bewunderung erfüllte; ber tiefer Blidende ertannte balb, daß auch in bem fünftlerischen Schaffen ber Genius verschwunden war, bas glatte Form und technische Fertigkeit, daß Uebung und Tradition die Erschöpfung der geistigen Rraft, den Mangel ursprünglicher Intuition und begeisterter hingebung an die in der Seele lebenden Ideen und Gestaltungen nicht zu verhüllen vermochten. Man lebte fort in den Gewohnbeiten und Ueberlieferungen, die man aus einer großen, iconen Bergangenheit übertommen hatte, aber die innere Energie, ber frijche Lebensmuth, der Impuls ber Jugend waren babin. Das Dasein verlief in den alten Formen und Buftanden wie ein Bach in sumpfiger Riederung; zu einer geiftigen und sittlichen Erhebung, ju einer gefunden Reformthatigfeit vermochte fich bie Seele nicht aufzuschwingen.

## D. Das Zeitalter Ludwigs XIV.

Gefchichts-Literatur. Die frangöfische Geschichtsliteratur des Beitalters gudwigs XIV. verbreitet fich über alle Lander Europa's; die meiften Dentwürdigfeiten, Lebensbefchreibungen, politische und publiciftische Monographien haben daber auch fur andere gander Bebeutung. Ramentlich gilt dies fur die spanischen Rieberlande, fur die hollandischen Generalftaaten, für Spanien und Portugal wie wir bereits gefehen haben und zum Theil für England. — Ueber bas Beitalter Ludwigs XIV. im Allgemeinen handeln, außer ben größeren ichon öfters angeführten Geschichtswerten von Martin, Sismondi, Michelet, Darefte, Schmidt, Rante u. a. folgende Schriften: histoire de France sous le regne de L. XIV. par M. de Larre y Amst. 1718. 3 voll. 4. — hist. de la vie et du regne de L. XIV. par Bruzen de la Martinière, à la Haye 1741. 5 voll. 4. — Le siècle de L. XIV. par M. de Voltaire, in der Collect. des Oeuvres de V. Genève 1756 und sonst mehrsach. — Lemontey, essai sur l'établissement monarchique de L. XIV. Par. 1818. — Li miers, hist. du règne de L. XIV. Amst. 1717. — Pellisson, hist. de L. XIV. Par. 1749. 3 voll. — Cosnac, souvenirs du règne de L. XIV. P. 1866 ff. — Für die spätere Seit: R. v. Roorben, Europaifche Gefch. im 18. 3ahrh. 1. Abth. ber fpan. Erbfolgefrieg. Duffelb. 1870. 2. Abth. 1874. u. a. B. Bon besonderer Bichtigkeit für die Extenntniß der tiefbewegten Beit find die Memoiren, Brieffammlungen und Altenftude von ober über hervorragende Berfonlichleiten und Beltbegebenheiten. Staft von allen Miniftern, Felbherren, Gefandten, Staatsmannern, hofleuten, beren Ramen wir im Saufe ber Geschichte begegnen werben , find Aufzeichnungen, Monographien, Correspondenzen, Dentwürdigkeiten vorhanden : Befigt man doch von dem König selbst eine Reihe von Banden, die als Oouvres und Mémoires de Louis XIV. galten (Paris 1806), mogen fie auch jum Theil von Andern verfaßt fein, in feinem Geifte und Sinne ober burch Rudichluffe aus feinen handlungen. Dervorragend nach Inhalt und Darfellung find die Mémoires complets et authentiques du duc de St. Simon. Par. 1829.

und neue Ausg. Par. 1856-58. 20 voll. über bie spätere Regierungszeit Ludw. XIV. (vgl. Rante V, 443 ff). - Berichiebene Seiten bes geschichtlichen Lebens findet man mit mehr ober minder Bahrhaftigteit und Berftandniß bargeftellt in ben Memoiren von Gourville (1642 -1698), Lorcy, Brienne, Bater und Sohn, Dangeau, Comtesse de Lafa pette (über Benriette v. Orleans); ber Marfchalle Catinat, Billars, Luzembourg, bes Abmittals Tourville, bes Minifters Louvois, bes Abbe be Choify, bes Marquis de la Fare, bes Duc de Bermid, des General Feuquidres, u. a. m. Die meiften der Memoiren find in ben großen Sammlungen von Petitot und Michaud abgebrudt. — Charafteriftifch für bas Dof- und Gefellichaftsleben in Berfailles und Baris find auch die Briefe ber Pfalggrafin Elifabethe Charlotte, Bergogin von Orleans, in der Bibliothet des literar.-hiftor. Bereins. Stuttgart 1844. Auszuge bei Rante V, 280 ff. Heberhaupt ift das Leben und Treiben am hof in vielen monographischen Schriften bargestellt, fo in: Houssaye, mademoiselle de Vallière et mad. de Montespan. Paris 1860. 3. éd., in P. Clement, mad. de Montespan et L. XIV. 1868. 2. od., in gahlreichen Barticularschriften über Mad. de Maintenon: Lettres et mémoires de mad. de Maint. Paris 1806. und als Erganjung ber altern Berte: Bonhomme, Mad. de Maint. et sa famille; lett. et docum. inédits. Par. 1863. Th. Lavallée, corresp. gén. de Mad. de Maint. Paris 1865. 4 voll. -Noailles, hist. de mad. de M. Par. 1848-58. 4 voll.; über Père de la Chaise (Cologne 1693. 94.) u. a. - Ueber die biplomatischen Berhaltniffe und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t wird man unterrichtet durch die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diplomatie franç. par Flassan Baris 1808 und 1811. 7 Bbe, und burch die Inftructionen, Aftenftude, Correfpondenzen, Gefandtichaftsberichte, die abgebrudt find in den Berten bon Billiam Temple (Lond. 1750), von den Grafen d'Estrades (lettres, mém. et negociat. Lond. 1743) und d'Avaux (négociations 1679-1688. Par. 1753.), in bet histoire du traité de paix de Nimwegue (Amst. 1754), in den Berichten des furpfalz. dann furbrand. Gefandten Cz. Spanheim (relation de la cour de Fr. in Dohm's Materialien für die Statistif und neuere Staatengeschichte. Lemgo 1775-85. 5 voll. I), in ben Bublifationen von Dignet (négociat. relatives à la succession d'Esp. sous L. XIV.) u. a., in ber 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 de Fr. 1835 ff. und für die spätere Beit in: Schoell, hist. des traités de paix Par. 1817. 18. 15 Bbe. — Für die Bermaltung find besonders die Schriften über Colbert lehrreich: Necker, Eloge de J. B. Colb. Par. 1773; P. Clement, hist. de la vie et de l'admin. de Colb. Par. 1846 und lettres, instruct. et mémoires de Colb. Par. 1861—74. 7 voll. — ferner: Forbonnais, recherches sur les finances und Prousset, hist. de Louvois et son adm. pol. et mil. P. 1862 f. 4 voll. — lleber bie firchlichen Borgange: Reuchlin, Gefc, bon Port Ropal. Der Rampf bes ref. und bet jefult. Ratholicismus unter Louis XIII. und L. XIV. 2 Bbe. Damb. und Gotha 1839-44. Bu der Sugenottenliteratur in Bb. XI, 374 und XII, 1 beigufügen : Wolss, hist. des réfugiés protest. Par. 1833. — de la Baume, hist. de la revolte des Camisards 1709. und für die spätere Beit: Ch. Coquerel, hist. des églises du désert ches les protestants en Fr. Par. 1841. 2 voll. — Court de Gebelin hist. des troubles des Cevennes ou de la guerre des Camisards. 3 voll. Villefranche 1760 und 1820. — Hofmann, Gesch. des Aufruhrs in den Cev. Rördl. 1837. — Die Cultur - und Literaturgefch. diefer Bluthezeit des Clafficismus hat viele Bearbeiter gefunden: Außer den IX. p. 307 angeführten Berten von Rifard, Bitlemain, Bouterwet u.a. bas große Bert von Laharpe: Lycée ou cours de la litérature. Par. 1800. 18 voll. — Cb. Arnb, Gef. ber frang. Rationalliteratur v. b. Renaiffance bis gur Revolut. 2 Bbe. Berl. 1856. — Aleg. Budner, frang. Literaturbilder feit der Renaiffance. Frankf. 1858. — Domogoot, tableau de la lit. fr. au 17. siecle. 2 voll. Paris 1859, - Runo Fifcher, Borlefungen über Gefcichte ber neueren Philosophie 1. 2. Stuttg. 1852. Mannheim 1854. u. a. 2B. Außerbem biele

Monographien über hervorragende Schriftsteller ber Beit, Cardinal Boffuet (histoire de Bossuet und de Fenelon) C. Laur, (Boffuet und die Unfehlbarteit. Mannh. 1875 und Rich. Montaigne, 3m neuen Reich 1876), wie die Schriften über Blaife Bascal von Vinet (études sur B. P. Par. 1848), von Beingarten (B. ale Apologet des Chriftenth. Leipz. 1853), bon Drendorff, (Basc. Leben und Rampfe und B. Gebanten Leipg. 1875), bon Cantor (Preuß. Sahrb. 1873) u. a. 28. --- Bu den XI, 130 f. aufgeführten Geschichtswerten über die Riederlande, von benen einige, wie Bagenaar, Rampen auch für das 17. 3ahrh. gelten, find beigufügen: Basnage, Annales des provinces unies. Haye 1726. 2 voll. fol. — Wiquefort, l'hist. des provinces unies des Pays-bas cet. à la Haye 1719. 43. 2 voll. fol. Lond. 1749. 3 voll. fol. und fonft. — Aitzema, in Saken van Staat de Vereenigde Nederlanden mit feinen Fortsehungen, wieberholt gebrudt. - De la Neuville, hist. de Hollande. Par. 1693. Außerbem bie monographischen Berle von und über de Bitt (Brieven, Haag 1723 ff.; mémoires de J. de Witt Ratisb. 1709.) Hoeven, leeven en dood der Gebroeders Corn. en Joh. de Witt. Amst. 1708 und frangofifc Utrecht 1709.), über Eromp (la vie de Corn. Tromp. à la Haye 1694), de Rupter (la vie de Mich. de R. trad. du Hollandais de Ger. Brandt, Amst. 1698. fol.) die Staatsschriften von Eftrabes (f. oben) und Suiche (Memoires concernant les provinces unies cet. Lond. 1744.) Bishelm III. von Oranien (hist. de Guill. III. Amst. 1703. 3 voll. 8.) n. a.

### I. Die erften Jahre Der Selbstherrschaft.

#### 1. Der König und seine Minister. Colberts volkswirthschaftliche Chätigkeit.

Seit einem halben Sahrhundert war in Frankreich die Leitung der Staats. Das perfonangelegenheiten in den Sanden von Gunftlingen ober Miniftern gelegen, ber ment Ronig weniger mit feiner Berfonlichfeit als mit feinem Ramen und feiner gefet. lichen Autorität hervorgetreten. Jedermann erwartete, daß biefes Spftem fortbauern, bag ber Ronig und ber Beiter ber Regierung auch ferner zwei Personen fein wurden. Satte boch ber junge Monarch bisher wenig Sinn für geiftige Dinge, für ernfte Befchäftigungen gezeigt, fich faft ausschließlich ben Bergnugungen bes hofes und ber Gefellichaft hingegeben, an Jagen, Reiten und Luftbarkeiten und baneben nur noch an militärischen Uebungen Gefallen gefunden. Aber wie bald gerrann biefe Illufion! Der jugenblich icone lebensfrohe Fürft entfaltete eine Einficht, eine Billenstraft und eine Arbeitsluft, die feine Umgebung in Erflaunen feste. Auf die Runde von dem Tode Magarins verfammelte er fofort bas Confeil und fprach: Gott babe ibn eines Ministers beraubt, ber mabrend seiner eigenen Jugend und Unerfahrenheit bie Geschäfte mit Umficht und Glud geführt habe; jest fei er entschloffen, fein Reich felbft zu regieren; er werbe keinen Ministerpräfidenten ernennen, sondern die Staatsrathe und Rronbeamten follten unmittelbar unter ihm die ihnen auftebenden Angelegenheiten beforgen und ihm Bericht erftatten fo oft er fie ju fich entbiete. Bu bem Behuf filhrte er bei fich felbft eine ftrenge Geschäftsordnung ein; er widmete die meifte Beit ben Arbeiten und Pflichten feines Berufs, feinem "Ronigshandwert"; nur wenige Stunden gonnte er feiner Erholung und feinem Bergnugen. Damit begann eine neue

Aera in der französischen Regierungsgeschichte: die ministerielle Allgewalt vereinigte sich mit der Majestät des Königthums; was die beiden Cardināle gegründet, trat jest Ludwig XIV. als Erbschaft der Krone an; Richelieu hatte mit eisernem Willen den Absolutismus aufgerichtet, Mazarin denselben mit Klugheit, Consequenz und Glück bewahrt und gesestigt; nun gab ihm der König die praktische Anwendung und den majestätischen Ausdruck. Als der Erzbischof von Rouen nach Mazarins Tod die Frage an Ludwig stellte, an wen er sich jest in Sachen der Kirche zu wenden habe, erhielt er zur Antwort: An mich! Bald hatte der junge Monarch die Genugthuung, die Menge der Bittenden und Ehrgeizigen, die bisher die Borzimmer des Cardinals gefüllt hatten, nach seiner eigenen Hoshaltung hinüberströmen zu sehen. Indem er aber auf solche Weise die unumschränkte Staatsgewalt seiner Person beilegte, war er auch zugleich entschlossen, sie als Selbstherrscher auszuüben; dis an sein Ende hat er den Staatsgeschäften eine anhaltende unmittelbare Thätigkeit gewidmet.

Birfungen.

In Ludwig XIV. erreichte die konigliche Allgewalt den höchsten Sipfel, so bas alle Selbftherricher ber folgenden Beit ibn jum Borbild nahmen. Das gange öffente liche Leben brehte fich um ben Sof und die Perfon des Monarchen; in ihm war die Macht, Sobeit und Majestat ber Ration concentrirt. Die an Anbetung grenzende Berehrung, die ihm gezollt mard, erfüllte ihn mit einem Selbstgefühl, bas nicht ben leisesten Schatten auf ber fpiegelhellen Rlache feines Blanges bulben wollte; bon seinen Unterthanen erhielt nur ber Bedeutung, auf dem die Onade des Gebieters rubte. Unbedingter Behorfam mar in feinen Augen bas bochfte Berdienft; jebes Biberftreben ein ftrafwürdiges Berbrechen. Aber er befaß auch die Gabe, fich Gehorfam zu verschaffen; er hatte eine Art von Schwung in feinem perfonlichen Stolz; boch war er ber Schmeichelei mehr juganglich, als fich mit ber mabren Große vertrug. Ludwig XIV. hatte nur immer vor Augen, was die Geschichte von ibm fagen wurde, beißt es bei einem neueren frangofischen Siftoriter, und niemals bat ein Kurft feinen 3med beffer erreicht. Gein Unsehen von Große bat nicht nur die Beitgenoffen, fondern auch die Rachwelt bezaubert. Dies hatte fur ben Ronig die Rolge, daß Befriedigung seiner Eigenliebe, feines Berricherstolzes und feiner Despotenlaune ber hauptzwed feines Strebens murbe, fur die Untergebenen, daß fie durch Schmeichelei, Servilismus und Rriecherei Die Hofgunft zu erlangen fuchten, die allein ju Blud und Chre und ju allen Erdengutern ju führen berfprach. Das Gefühl bes eigenen Berthes trat gurud, Die Geltung und Gelbftschähung richtete sich nach dem Berhaltniß, in dem jeder Ginzelne zu dem Konig ftand; es war als ob die Nation es aufgabe etwas für fich felbst zu sein, als ob fie nur ber Abglang bes Monarchen sein wollte; jedes Beichen ber Onabe machte gludlich, die mindefte Ungunft elend. Daber lagerten fich allmählich alle bofen Geister eines entarteten Bofes, Charatterlofigkeit, Berleumbung, Rankesucht und Reid um den Thron und verschloffen der Tugend, Rechtschaffenheit und Tuchtigfeit den Beg. Bieles traf jufammen, um diefe konigliche Allgewalt und die

freiwillige Anechtschaft ber Ration berbeignführen. Denn "fo fart auch im Innern bie Sand empfunden wurde, welche die Bugel ergriffen batte, fo wird man doch nicht etwa die Singebung der Großen wie des Adels, die fast ununterbrochene Ruhe der Provingen, die Anhänglichkeit des Burgerftandes der roben Gewalt zuschreiben wollen: ber allgemeine Gehorsam beruhte noch auf einem andern tiefern Grunde. Es waren die großen Ideen der Einheit der Ration, einer durchgreifenden gesetlichen Ordnung und einer ruhmbollen Stellung in der Belt, die dem Königthum, welches ne reprofentirte. Dienstwilligkeit und selbst freudiges Unichließen verschafften."

Mazarin hatte fahige und geschickte Manner zur Leitung ber Geschäfte be- Binifter. rusen: Ludwig XIV. war einsichtsvoll und gerecht genug, dieselben in ihren Aemtern zu laffen. Sie bildeten den engeren Staatbrath-oder Minifterrath, den er bon Beit zu Beit unter seinem eigenen Borfit versammelte, mahrend bas größere Confeil, zu dem die Prinzen, die Aronbeamten und andere hochgestellte Berren beigezogen zu werden pflegten, selten einberufen ward und mit ber Beit ganglich in Abgang tam. Unter biefen Staatsmannern, benen ber Ronig fein ganges Bertrauen zuwendete, fanden in erfter Linie der rechtschaffene, umfichtige und wohlwollende Dichel Le Tellier, ber die Rriegsangelegenheiten und der feine, ge Tellier und Bionne. gewandte, an Austunftsmitteln fruchtbare Sionne, ber bas Auswärtige verwalttte, zwei Beamten von großen Renntniffen und Erfahrungen und gefchmeibig genug, alle gelungenen Entwürfe und zwedmäßigen Unternehmungen bem König felbft auguschreiben, bas eigene Berbienft ber boberen Ginficht bes herrschers unterauordnen.

Dagegen fand ein anderer, ber bieber als Lenter bes Finangwefens bas Der Dberingrößte Anfeben befeffen, bes Carbinals rechter Arın gewesen war, Ricolaus Bouquet. Fouquet bei Ludwig nicht diefelbe Gunft, deren er fich unter Mazarin erfreut hatte. Fouquet hatte fein Amt in großartigem Maßstab verwaltet; er war nicht blos Oberintenbant des gesammten Finanzwesens, er war auch der Banthalter bes Staats, ber burch feinen Credit bie Gelbbefiger und Steuerpachter in feine Dienste zog und fle zu Borschaffen und Darleben brachte; er hatte durch Kinanzfünste aller Art bem Ministerprafibenten die Geldmittel verschafft, die diesem für den Krieg und für die Durchführung seiner Bolitik nothwendig waren : er rühmte lich seiner Berdienste, daß er auch in den bedrängtesten Momenten für die Bedurfniffe an sorgen gewußt. Dabei hatte er aber manche aweibeutige Mittel angewendet, manche Unregelmäßigkeiten und Unordnungen augelaffen und ftets den Bortheil seines Gebieters und sein eigenes Interesse selbst auf Rosten bes Landes zu forbern verftanden. Sein Bermögen wurde auf viele Millionen Livres geschätt; seine Balaste und Landhauser waren mit kostbaren Buchern, Runftwerfen und Antiden gefcomudt, für feine prachtvollen Garten ließ er aus fernen Gegenden feltene Gewächse herbeischaffen, Dichter und Runftler ftanden in seinem Solbe und erfreuten fich seiner Gunft und Freigebigkeit; fein Landfis

in Baur, wo er einen fürftlichen Aufwand machte, murbe von Lafontaine befungen, von Lehrun ausgemalt. Durch seine Talente, feine Gewandtheit und Großmuth gewann Fouquet bas Bertrauen und die Zuneigung einflubreicher Manner in ber Rinangwelt und in ber Rogierung ; felbft zu La Balière, ber erften Beliebten bes Ronigs verfchaffte er fich Bugang; mit ben Bartifans unterhielt er gente Begiebungen und theilte manchen Gewinn mit ihnen; fein Ant als Beneralprocurator bei bem Parifer Parlament ichnte ihn vor gerichtlichen Unterfuchungen : burch Jahrgeiber und Geschente verschaffte er fich Freunde und Gonner. Fouquet hatte Bieles auf dem Gewiffen; allein er hoffte fich burch feine Dienste bem Ronig, beffen Ruhmbegierbe und Reigung fur Glang, prachtvolle Refte und großartige Unternehmungen reicher Gelbwittel bedurfte, eben fo unenthobelich ju machen, wie bem bisherigen Premierminifter; er werfchmabte bie Barnungen ju größener Borficht, die ihm Magarin gegeben. Ludwig XIV. boate jaboch tiefem Groll gegen ben Oberintenbanton, von beffen felbftfuchtiger eigenmachtiger Finangvermaltung ihm ein untergeordneter Bramter, Jean Bautift Colbert, übergemat hatte. Das Auftreten bes Mannes war benn Ronig ju anspruchsvoll, er erblicte in ihm einen Rivaken, in meichem ber Geift der Frande noch verbargen fei; amei fefte Blate, die Banquet in der Bretagne befah, tampten leicht als Rudhalt bei einem Aufftand bienen. Es war befannt, bag er mit bem Sarbinal von Reg Berbindungen unterhielt. Der Ronig beschlaß feinen Untergang; bod ging er behutfam ju Berte. Buerft murbe Fanquet bewogen, bas Ams eines Generakorocurators an vertaufen : man molite mit bem Barifer Barlament, mo viele Freunde und Collegen in feinem Intereffe mirten tonuten, icht Collifion vermeiden. Denn erhielt er die Auffarderung, den Ronig nach Rantes an einer Berfammbung ber Bretagner Stande au begleiten. Ohne Aug folgte ber Oberintendant dem hof; er hatte feine Ahnung von dem man ihm beworftand. frier in der Hauptstadt ber Proving Bretagna, wa er einen festen Rudhalt zu 5. Cept. haben glaubte, murbe er plotlich verhaftet und nachdent man fich feiner Genift. fende bemadtigt, vor einem eigens zusammengesetten Gerichtebofe ber Beruntreuung von Staatsgelbern augetlagt. Bei ber großartigen Gemalität ber Fouquetichen Fingugverwalung mochten Unechnungen im Staatsbauschalt aft genne vorgefonunce foin. Wer wollte in die vermidelten Berfaltniffe bes bestebenben Steuer- und Darlebenfostenes eindringen, mobes die Capitalisten fur ibre Barfchuffe und Binfen; umnittelbar auf die Bezige und Tinnghmen des Staatsgewiesen waren, die Bernechnung mit den Staatsgilubigern und die aberfin Berwaltung der Staatseinklunfte in einer und derfelben Sand lag, manche Abmachungen nur auf mund. lichen oder perfonlichen Lebereinkommen benehten ? Der Minifter wurde befchulbigt. die Schapbillets einer Staatsschuld auch nach Löschung des Contraftes nicht wernichtet, fondern ben Betrag aus ben öffentlichen Roffen fun fich bezogen zu haben. Er follte falfche Anfate über Einnahmen und Ansgaben aufgestellt, mit ben Steuerpächtern Scheinverträge geschlaffen, die fäniglichen Gelder mit seinem eigenen

verinischt haben. Fonquet vertheidigte fich mit Geschied, und es hat damals und später nicht an Stimmen gesehlt, die seine Schuld leugneten oder zu vermindern suchten. Aber sein Berderben war beschlossen. Die mit der gerichtlichen Untersuchung beauftragte Commission verurtheilte den ungetreuen Haushalter zur Berdannung auf Lebenszeit und zum Berluft seines Bermögens. Dem König erschien dieses Urtheil zu milde; er fürchtete, der gewandte, geistwolle Mann, der unter allen Ständen so viele Anhänger zählte, könnte auch als Berbannure dem Staate noch Unruhen bereiten. Daher verwandelte er die Berbannung in Gesängniß und ließ den Berurtheilten nach der Festung Pignerol bringen, wo er dis zu seinem Tode (1680), neunzehn lange Jahre eingeschlossen blieb und mit großer Härte behandelt ward.

Und wie nach Magarins Tob die Stelle eines Bremierminifters wegfiel, fo Colbert. jest die Stelle eines Oberintendanten der Finangen. Seitdem verwaltete Fouquet's Gegner, 3. Bapt. Colbert ein einfacher, anspruchslofer Mann, bem die Arbeit Lebenszwed mar, mit bem bescheibenen Titel eines General-Controleur bie Finangen bes Reichs unter bes Konigs unmittelbarer Aufficht und umgeben bon einigen Rathen. Dit Colbert, ber aus burgerlichen taufmannischen Rreifen in Abeims bervorgegangen, von Jugend auf an Thatigfeit und geordnete Befcaftigung gewöhnt, allmablig zu ben wichtigften Meurtern und jum Range eines Marquis von Seignelai emporftieg, begann eine neue Aera in bem vollsmirthicaftlichen Leben bon Franfreich, ja von gang Europa. Colbert leitete bas gejammte Finang- und Steuerwefen mit folder Umficht, Beisbeit und Ordnung, baß er nicht allein bas Gelb zu ben koftspieligen Rriegen, zu ben glanzenben Beften, Ginrichtungen und Bauten, zu ben Jahrgelbern und Subfidien, womit auswartige Fürsten und Staatsmanuer in bas frangofische Intereste gezogen wurden, ohne allgu brudende Magregeln herbeischaffte, sondern bag er auch ber Betriebfamteit Frantreichs einen neuen Auffchwung gab, Fabriten und Manufacturen, Sandel und Seemefen begrundete, eine glangende Marine fchuf und Rimfte und Biffenfcaften unterftubte. Bon einer Reftigfeit und Enernie bes Billens, welche jebes hinderniß überwältigte, war er allen außern Ginfluffen unjuganglich; er folgte nur ber eigenen Ginficht und wies oft eigenfinnig jeden Nath iede andere Meinung von der Sand. Der König, beffen Rubut und Berberelichung, ihm über Alles ging, beffen unbefchennte Allgewalt er ens allen Araften beforberte, ertannte bie Treue und Singebung feines Dieners und lobnte fle mit vollem Bertrauen. Und wie fehr war Colbert in seinem gesellschaftlichen Auftreten von einem Mazarin und Fouquet verschieden! Gelbit als ibn der König in das Confeil aufgenommen, "erfchien er wie ein unbedeutender Schreiber det Parlaments mit feinem famuntnen Beutel voll Schriften und Baptere".

Mit diesen drei Mannern speciellster Befähigung Lionne, Letellier und Colbert verwaltete nun Ludwig XIV. das Reich. Sie bildeten den geheimen Rath, des Königs. "Der Eine war der geübteste und scharffinnigste Diplomat, den es vielleicht in der Belt

gab, ber Bweite ber in den inneren Befchaften des Reichs erfahrenfte Staatsmann bon erprobter Buberlaffigteit, der Dritte ein Mann von fcopferifden Ideen für allgemein Reformen und einer nie ju ermudenden Arbeitsfraft. Sie hatten alle unter Magarin Die ameite Rolle gefpielt und maren gufrieden, eben fo bem Ronig gur Seite gu fteben, ohne Anfpruch darauf, etwas fur fich felber ju fein". Die Große Frantreich und der Ruhm des Monarchen war die Aufgabe ihres Strebens und Birtens. Dit ber Beit erlangten auch Colberts Bruder Colbert-Croiffy und fein Cobn, der Marquis bon Seignelai einflugreiche Stellen bei der Regierung.

Louvois.

Letelliers Mitarbeiter und bald fein Nachfolger im Amte eines Staats. secretars fur die Rriegsverwaltung war sein Sohn Loubois, ber nach einer in Luft und Bergnügungen verbrachten Jugend mit unermudlicher Thatigfeit fic ben Regierungegeschäften widmete und an Ginfluß bei bem um zwei Sahre alteren Rönig alle andern überflügelte. Er vereinigte einen beweglichen durchdringenden Berftand und eine ungewöhnliche Organisationsgabe mit großer Billenstraft und Energie und mit einer Arbeitsfähigfeit, Die feine Ermudung fannte. Durch feine Bingebung an ben Ronig, beffen geheimfte Bedanten und Buniche a verstand, an das Licht des Tages hervorrief und verwirklichte, erwarb er fic beffen ganges Bertrauen, Gunft und Gnade. Bon unbortheilhaftem abstofenden Alcufern und heftig und rudfichtelos in feinem Benehmen, beberrichte er feine Umgebung nur durch feinen unermudlichen Diensteifer und durch feinen überlegenen, vor teinen Bedenken und Schwierigkeiten gurudweichenden Geift. Dem Billen bes Monarchen im Innern wie nach Außen unbedingt Geltung ju berschaffen, war bas Biel feines Chrgeizes und feines staatsmannischen Birtens. Bwischen biesen beiden Familien theilte der Ronig die Geschäfte der Regierung; "ihre Anhanger, benen nach und nach alle wichtigen Stellen bes Staats zusielen, bilbeten gleichsam zwei Parteien, die in unaufhörlicher Gifersucht bem allgemeinen 3wed ber Berrichaft wetteifernd bienten."

Umgeftal=

Bie einft Sully unter Beinrich IV. die Berruttungen bes Reiches mabrend ber Ligut etung bes burch großartige Finangreformen zu beilen gesucht, fo nahm jest auch Colbert mit feind baltes. Ronigs Buftimmung eine gangliche Umgeftaltung bes Staatshaushalts bor. Dit bem bis herigen Creditfpftem und ber Steuererhebung durch die "Bartifans", einem Berfahren, das durch Fouquet auf die Spise getrieben worden war und fo große Unordnungen und Bedrudung im Gefolge gehabt hatte, follte grundlich aufgeraumt werden. Dafur mat Colbert, der ohne links oder rechts ju fcauen confequent feine Plane verfolgte, unbekummert um Bob oder Cabel, der rechte Mann. Bie hart immer die Maßregeln in die Rreise der Geldmanner und Beamten einschlagen mochten; ein unerbittliches Strafgericht erging über Alle, welche die bisherigen Disbrauche des Steuerwefens jur Beriatrachtigung bes Staats, jur Bedrudung bes Bolles, jur eigenen Bereicherung ausge Die Unter- beutet hatten. Gin Gerichtshof murde niedergefest, welcher alle Unterschleife und Commission. Beruntreuungen der Steuererheber untersuchen und bestrafen sollte. Die "Partisans" und ihre Unterbeamten mußten über ihren Berinogensftand und über bie Art wie ft dazu getommen Rachweis liefern; es wurde zu Anzeigen ber Schuldigen aufgefordert, felbft bon der Rangel herab und mit Berheißung eines Theils der Strafgelder fur die Angeber. Ein gewaltiger Schreden durchfuhr die Finanzwelt und die Steuererheber. Auf mehr als hundert Millionen belief fich die Summe der Confiscationen; mande

Familien tamen an den Bettelftab; manche entflohen ins Ausland oder vergruben ibre Roftbarteiten; viele mußten ins Gefangniß mandern, die Schuldigften busten mit bem Strange. Auch vor willfürlichen und ungerechten Dagregeln fcrat man nicht gurud; Colbert ging bon dem Grundfage aus, daß Brivatrechte, welche mit dem Intereffe bes Staats ober bes Ronigs im Biderfpruch ftanden, bem letteren weichen mußten. Richt minder bart mar das Berfahren bei der Abfindung der Staatsglaubiger und der Re- Staatsglaubiger und der Reduction der Renten. Die Bernichtung oder ungenügende Ginlofung der Scheine mar tenreduction. einem Staatsbankerott nicht unabnlich. Die Berlufte trafen Schuldige wie Unschuldige. Es murbe in Berfammlungen ausgefprochen, der Ronig wolle die Ration arm machen, um tunftigen Aufstanden vorzubeugen. — Gine Menge überfluffiger Acmter waren wonnemtern. ereirt und den Raufern bas Behalt aus Staatsmitteln jugefichert worden; fie murden größtentheils aufgehoben und die Befiger tonnten gufrieden fein, wenn ihnen der Rauffoilling ober ein Theil deffelben gurudgegeben murbe. Die Erblichkeit aller Finangamter fo wie die darauf ertheilten Anwarticaften wurden abgefchafft und alle Steuereinnehmer einer icharfen Controle unterworfen, ju Cautionen und genauen Rechnungeftellungen angehalten. Um einschneidenoften in die Bermogeneberhaltniffe, befonders des Abels wirfte die Berordnung, bas die in Privatbefig getommenen Domanen ber Rrone gurud. Rudforde erworben werden follten, da die Rechte bes Staats ober bes Ronigs unberaußerlich Domanen. seien. Auch hier mußten die Inhaber durch Borlegung von Urtunden, Rauscontratten und Quittungen den Rachweis liefern, ob fie auf rechtliche Beife und um welchen Breis fie die Guter oder Rechte erworben batten. Aber wie felten tonnte ein genugender Beweis erbracht werden; wie viele Unregelmäßigkeiten waren bei dem Erwerb vorgetommen, wie fcwierig ja unmöglich waren die Documente zu befchaffen, wo es fich um Befigungen bandelte, die feit einem Jahrhundert und langer in Privathanden fich befanden! Ging man boch auf Berauferungen durch die alten Grafen bon Probence jurud! So wurden um geringe Summen, die man auf Lostauf rechtlich erworbener Anfpruche verwendete, eine Menge Guter und Ginfunfte der Rrone gurudgegeben und burch Berpachtung fur die Staatstaffe nugbringend gemacht. Aber freilich gingen Taufende der Befipungen verluftig, die feit Generationen der Familie angehort, durch mehrere Gefchlechter fich fortgeerbt hatten. Auch die Abelsbriefe, die in der Beit der Abelsbriefe burgerlichen Unruhen um geringe Summen erworben werden tonnten, wurden gepruft und ein großer Theil bavon caffirt. Dies war um fo nothwendiger und gerechter, als der Abelstitel eine Befreiung von der Taille mit fich führte, die baber fur den Landmann und den gewerbtreibenden Burger um fo fcmerer ward. Und gerade biefen mann und den gewerdtreidenden Burger um jo jometer wurde. Lind gerude diesen Bie Laille Stand wollte Colbert erleichtern. Daher wurde die Laille nach und nach herabgefeth, die vermindert. Ezemtionen beforantt und ein foonenberes Berfahren gegen ben geringen Dann bei ber Sintreibung den Erbebern eingeschaft. Auch bei der Salafteuer (Sabelle) wurden bie in manchen Provinzen bestehenden Bergunftigungen und Ausnahmszustande aufgehoben. Die auf dem Bertauf des Getreides und der Lebensmittel laftenden Auflagen, die Aides und wurden vereinfacht und ihres brudenden Charatters entbunden; und wenn auch bie auf Gin- und Ausfuhr gelegten Bolle im Innern bes Reiches nicht ganglich befeitigt und auf die Grenzen gegen das Ausland befchränkt werden konnten; so war es boch foon ein großer Schritt gur Belebung bes Bandels und der Induftrie, bag Colbert wenigstens eine Angahl von Provingen im nördlichen und mittleren Frankreich zu einem gemeinschaftlichen Bollfustem vereinigte.

Und wunderbar, welchen Aufschwung bas tunftgewerbliche und mercantile Induftrieller Leben der Ration in wenigen Sahrzehnten nahm, feitdem der Staat wieder feiner ider Aufperuniaren Rrafte machtig war! Colbert bat die Wege gezeigt und angebabnt,

auf benen die Franzosen fortgeschritten und zu großartigen Ergebniffen gelangt find. Die vollswirthschaftlichen Bringipien, Die er zuerft folgerichtig in Unweudung brachte: Fernhaltung ber answärtigen Manufacturerzeugniffe und Debung und Belebung ber einheimischen Industrie mit Benutung fremder Errungenschaften und Technit find fast zwei Jahrhunderte in Geltung geblieben. Bas in andern Industrielandern, in Italien, in den Riederlanden, in England erfunden worden, murbe burch die geschickte Band ber Frangosen nachgebilbet und durch ben Runftfinn und Runftfleiß bes Boltes zur Bollenbung geführt. Die Spiegel- und Spigenverfertigung, die man den Benetianern ablernte, die Strumpfwirkerei, worin die Englander, die Enchbereitung, worin die Riederlander Meifter waren, wurden durch Aufmunterung und Unterftugung bes Sofes und ber Regierung eingebürgert und rafch gefördert. Bald nahmen bie Gobelins. teppiche in der Runft der Beberei und Farberei den erften Rang ein. Die Unficherbeit und die bürgerlichen Unruben, die mit Ausnahme der turzen Unterbrechung unter Beinrich IV. ein Jahrhundert lang bas staatli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Leben Franfreichs niebergehalten und gelähmt hatten, auch den Unternehmungs. geift bes Bolfes gefnicht und das Berkehrsleben gehemmt und abgeleuft. Darum mußte die Regierung felbst überall eingreifen und aufmuntern, follte bas Berfaumte nachgeholt, das Bolt zur Gelbstihatigkeit angeregt werden. Es entsprach bem antofratischen Charafter bee Ronige und ber gangen Beiftesrichtung ber Belt, wenn der Staat auch in bas Bandels- und Industrieleben eingriff, durch Monopole und Belohnungen gur Thatigfeit, ju neuen Unternehmungen anspornte, der frangöfischen Ration auch auf dem Gebiete des Beltvertehrs die ihrer Macht und Größe entsprechende Stellung zu verschaffen suchte. Rach allen Seiten richtete ber unermudliche Colbert feine Augen : Sandelsgefellschaften mit Attienbeitragen. wobei die Regierung felbft ben größten Antheil hatte, follten in Rordamerita bie Roloniepflanzungen am Lorenzstrom, die altfranzöfischen Anfiedelungen von Quebed und Montreal, die mabrend ber Fronde fast ganglich in Brivathande gefommen maren, wieder an den Staat bringen; eine oftindische Befellichaft follte in der Oftwelt dem frangofischen Ramen eine würdige Stelle bereiten neben ben Bortngiefen, Bollanbern und Englandern; Marfeille follte den Fahrten nach ber Levante als Mittelpunkt dienen und murbe baber gum Freihafen erhoben, es follte der Beltmartt fein fur alle Baaren der mediterraneischen Rationen : barum wurde auch ber Plan Riquet's, eines Beamten italienischer Geburt, ben atlantischen Ocean und bas Mittellanbische Meer burch einen Ranal zu verbinden. eifrig begünstigt und unterftutt. Biele Jahre wurde an ber Ausführung gearbeitet, bis bas Bert zu Stande tam; und wenn basselbe auch nicht alle Erwartungen, die man baran knupfte, erfullt bat, fo war es boch fur die Languedor felbft von fehr großen Bortheilen. Sogar nach ber Offfee war ber Blid Colberts gewendet: mit bem verbandeten Schweben vereinigt gedachte er Gothland zu einem Sanbels- und Stapelplat für frangofifche Baaren ju machen. Ueberall ging

sein Streben dahin, Frankreich jeder fremden Bermittelung zu entheben, die Ration zum Bewußtsein und Gebranch der eigenen Kräfte zu bringen, diese Kräfte dem König zur Berfügung zu stellen, auf daß er ihnen die Leitung gebe und den Ruhm und die Ehre davontrage.

#### 2. Die neue Aera in Vorbereitung.

Aber nicht blos bas finangielle und wirthichaftliche Leben bedurfte einer Reform ber burchgreifenden Reform; auch bas Rechtsleben litt an großen Gebrechen. Bir und Bermiffen, daß schon Richelien bem Digbrauche ber Privatrache und des 3meis tampfes mit energischer Strenge an fteuern gefucht. Babrend der Fronde war die Gelbfthulfe und die Unficherheit mit nener Starte bervorgetreten. Rach bes Ronigs eigener Berficherung gab es Bezirte, mo Gefes und Gerechtigteit verachtet wurde, ber Schwache feinen Schut mehr gegen ben Machtinen fant, bas Berbrechen nicht gestraft werden tonnte. Die große Mannichfaltigkeit der in Frantreich geltenben Rechte und die Berfchiebenbeit ber Richterspruche, je uachdem bas romifche Recht ober Die provinziellen ober localen Gewohnheiterechte in Anwendung tauten, vermehrten die Berwirrung und die Unwirtfamteit ber Straf. gefete. Befonders ftart war bie Rechtsunsicherheit und Die Gewaltthatinteit ber Großen in Anvergne hervorgetreten. hier fchien es baber nothwendig, durch ein impolantes Gerichtsberfahren an ben Ernft der Gejete zu mabnen. Bu dem Bred bielt ber Ronig felbit in Clermont einen "großen Berichtstag", vor welchem ber Bicomte be la Mothe be Canillac, einer ber annesehenften und machtigften Ebelleute bes Landes, ber fich mabrend bes Rriegs ber Fronde als Unbanger Conbe's befonders hervornethan hatte, jum Lode verurtheilt wurde. Durch diefes 1666. Strafgericht, bas an die hintichtungen von Biren und Montmorench erinnerte, wurde in ben Reiben ber Großen Schreden verbreitet, unter ben Burgern und Bauern basegen Bertrauen zu ben Gefeten gewedt und bas Bewußtfein, bag fie unter bes Konigs Cout ftanben. Run tonnte Colbert es unternehmen, burch Berordnungen (Ordonnangen) über das Gerichtswesen in bürgerlichen und peinlichen Sachen und burch Bestimmumgen über ben Rechtsgang, über Rechtsftubien und richterliche Braris eine Reform ber Rechtspflege und eine gleichförmige Berichtsordnung zu beneunden. Dadurch murbe "bas Unfeben ber Gefese in Die Regionen ber Berge getragen, wo man felt Sabrhunderten nichts bavon wußte" und Bedermann bas Gefühl eingeflößt, "bag ein Richter über ihm fet." Gerichtsboten und berittene Scharwachter hielten fortan die Autoritat ber Obrigleit und die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in Stadt und Sand aufrecht. Das von Richellen begrundete, bon Ludwig XIV, vollständig ausgebildete Spftem ber Intendanturen war ein trefflices Mittel, die absolute Regierungsmacht in der Administration und im Bermaltungerecht burchzuführen. Auf biefe Beife wurde bas Anfeben ber Magiftratur und der Juftig geftartt und erhobt. Um fo fefter beftand Colbert auf bem Mechte der königlichen Regierung, durch Epocation politische Projeffe ben

Parlamenten zu entziehen und durch außerordentliche Gerichte entscheiden zu lassen. Der Machtvollsommenheit der Krone und dem absoluten Königkrecht wollte er so wenig Schranken gesetht wissen wie Richelieu. Der König sollte als die Quelle und der Repräsentant des Rechts und der Gerechtigkeit erscheinen. Die Parlamente wurden zwar rücksichtsvoll behandelt und auch die Paulette blieb fortbestehen, aber die souverane Gewalt, von der sie gern sprachen, war nur ein Schein und eine Formel; sie sühlten, daß eine mächtige Herrschand über ihnen schwebte, und wagten nicht mit ihren Einsprüchen und Berwahrungen zu laut hervorzutreten. Auch die Gouverneurstellen in den Provinzen verloren an Macht und Bedeutung. Gegenüber der umfassenden Antsgewalt der königlichen Intendanten sanken sie zu bloßen Würden und Chrenämtern für die hohe Arisiokratie berab.

Das Milis tarwesen.

Den Saupthebel ber toniglichen Dacht bilbete bas Militar. Un Baffenluft, an friegerischem Muthe, an ritterlicher Tapferfeit ragte ber frangofische Abel au allen Beiten berbor; aber ber Beift bes Feudalismus, ber noch immer in ber Armee porherrichte und den Untergebenen an den Führer band, in deffen Dienfi er getreten, schmachte bie Ibee einer militarischen Obergewalt in ber Sand bes tonialiden Rriegsberrn : Die Gouverneurs in ben Provingen, Die Befehlshaber ber Grenzfestungen befagen eine faft unabhangige Stellung. Aus ben Contributionen ber ihrem Oberbefehl unterftellten Begirte gablten fie ben Solbaten und Offizieren die Löhnung; natürlich fühlten fich diese badurch gang an ibre Dbercommandeure gebunden. Diesem System war icon burd Magarin erfolgreich entgegengearbeitet worben; die klägliche Riederlage der Fronde mar wesentlich Die Wirfung bes in der Armee gunehmenden Royalismus. Aber erft feit bem pprenäischen Frieden wurde die Idee allgemein herrschend, daß ber Ronig der bochfte Rriegsberr fei, bag bie Commanbirenden aller Grade ihre Beftallung aus feiner Band erhielten, bag alle Baffenführenben in feinem Dienft und Golb ftanben, somit nur ibm Gehorsam zu leiften hatten. Diese Umwandlung rührte bauptfächlich von ben burch Letellier und feinen Cohn Louvois begrundeten militärischen Organisationen ber: Die Offiziere ber nach bem Krieden entlassenen Truppenabtheilungen wurden großentheils in die tonigliche Garde eingestellt, die baburch eine Mufterschule militärischer Bucht und Ordnung ward. Das Contributionespftem wurde aufgehoben und bafür feste Gehalte und Soldzahlung aus ber Rricgstaffe eingeführt. Bar es früher baufig vorgetonunen, bas bit Sauptleute in ihren Liften eine größere Bahl von Solbaten aufführten als mirt, lich in ihren Diensten standen und den Mehrbetrag fur Sold, Ausruftung und Unterhalt fich felbft zueigneten ober mit ben Rriegscommiffaren und Bahlmeistern theilten; fo wurde jest diefem Disbrauch burch ftrenge leberwachung und Controlirung grundlich gesteuert. Die Stelle eines Generalobersten ber Infanterie, von dem die Unstellung eines großen Theils der Offiziere abhangig war, wurde nach bem Tobe bes letten Inhabers, bes Bergogs von Epernon aufgehoben. Die

Ernennungen follten in Butunft nur bom Ronig ausgeben. Die Organisation bes frangofifchen Beerwefens, beffen Einrichtungen bald von allen europaischen Fürsten nachgeahmt murben, mar hauptfächlich Louvois' Bert. Das Ausland und die gesammte Menscheit bat in der Folge den Ramen Dieses Mannes mit einem Fluche belegt, weil er burch feinen graufamen Militärbespotismus und burch feine barbarifche, vermuftenbe Rriegsweise gur Boltergeißel marb; aber gu ber Macht Frankreichs und zu dem Kriegsruhm Ludwigs XIV. hat er wesentlich beigetragen. Er führte eine zwedmäßigere Bewaffnung und Belleibung ein; er war ber Schöpfer ber überlegenen frangöfischen Artillerie; er rief Rriegefculen gur Ausbildung bes jungen Abels in's Leben; er brachte ben Ronig auf ben Gebanten, durch Erbauung des großartigen Invalidenhauses am Ende der Borftadt St. Germain ben hinfälligen und verftummelten Offizieren und Solbaten, Die bisher nothburftig in Rloftern untergebracht ober bem Clend überlaffen wurden, ein Afpl für ihr Alter zu schaffen. Unter ben Mannern, die bem Minister bei feinen militarifchen Organisationen bulfreich gur Seite ftanben, nahm Turenne ben erften Rang ein. Berangebildet in der Schule feines Dheims, des Pringen Friedrich Beinrich bon Dranien, und von Jugend auf an Baffendienst und Rriegsübungen gewöhnt, hatte er alles grundlich gelernt, was jur Beerführung gehorte, Lagerleben, Schlachtordnung und Mariche, Organisation und Disciplin ber Truppen. Bir haben erwähnt, bag Conde's Feldherrntalent hauptfachlich auf bem triegerischen Glan, auf seiner personlichen Tapferteit, auf feinem raschen fühnen Angreifen beruhte; Turenne verftand es auch, einen Feldzugsplan ju entwerfen und burchzuführen, burch umfichtige Benugung bes Terrains dem Feinde einen Bortheil abzugewinnen, burch fcnelle Entschloffenheit und burch Scharf. blid in miglichen Lagen eine gludliche Wendung zu erzielen. Reben Turenne und Conde hat Bauban, ber große Deifter ber Befeftigungstunft bem Ronig bie wesentlichften Dienfte geleiftet. Gleich ben beiben andern war auch er in bie burgerlichen Rampfe verflochten gewesen, bis ihn Magarin für bie monarchische Sache gewann. Eine feiner erften Banblungen war die Erweiterung des Safens bon Duntirchen, ben er zur Aufnahme bon Rriegsschiffen geeignet machte. Reinen geschidteren Mann hatte ber Ronig zur Durchführung feines Blanes, Frantreich auf allen Seiten burch eine Reibe bon Festungen ju fcugen, finden tonnen als ben umfichtigen, bescheibenen und verftandigen Gebaftian be Bauban. Unter folden Sanden erfuhr bas frangofifche Beertvefen in bem erften Jahrzehnt Ludwigs XIV. einen vollständigen Umschwung. Bie verschieden war feine Armee von dem freiwilligen, auf eine gemeffene Beit beschränkten Dienft bes Militarabels, mit welchem Beinrich IV. seine Felbauge hatte führen muffen, und von der aweifelhaften Ergebenheit auslandischer Golbner und ihrer Führer, auf welche Richelieu noch angewiesen war! Die Ebelleute, welche bie Offizierstellen inne hatten, wetteiferten in Treue und hingebung fur ben Monarchen, beffen Gnabenzeichen, ber neugegrundete militarifche Orben, ihnen als bochfte Chre galt.

Die Belt follte bald erfahren, daß ein neuer Geift über Frankreich ge-

Die frangofis fche Mona Reigen.

die im Auf- toummen, daß ein Selbstherricher die Arone trage, der nach dem erften Range in Europa strebte. "Lubwig XIV. besaß von Ratur die zenn Beschäft der Regierung erwunfchteften Gigenfchaften": fagt Rante, "richtigen Berftand, gutes Gebachtniß, festen Willen. Er wollte nicht allein ein weiser oder ein gerechter ober ein tauferer Burft fein; nicht allein volltommen frei von freindem Ginflus, unabhangig im Innern, gefürchtet von seinen Rachbarn, sondern alle biefe Borginge wollte er zugleich befiten. Er wollte nicht allein sein, noch viel weniger blos scheinen, er wollte beides: sein und dafür gelten was er war. Er war verführerisch, binreißend, wenn er es fein wollte, in demfelben Grade aber fcredlich, wenn er gurnte. Denn auch zu zurnen hielt er für königlich. Seine Stirne war, wie man fich ansdrucke, mit dem Blit bewaffnet." Alle Diefe Gigenschaften und Biele ließen fich fcon in ben erften Jahren von Ludwigs Gelbstregierung mabrnehmen: Die Nation follte in der Majejiat bes Ronigs und feiner Ungebung den Abgland aller Herrlichkeit erblicken und das Ausland die Rangstellung der Mon-Bof und archie anerteunen. Der Gof, ber fich Aufangs meistens in Fontainebleau aufhielt, follte Alles vereinigen, was das Reich an Glanz und Ehre besaß. Den Mittelpunkt bildete Ludwig XIV. felbft: die Schönheit feiner Bestalt, ber Adel feiner Benichtszuge und ber in seinem Bange und in feiner Baltung liegende Musbrud von Burbe und Bornebuibeit ließen auf ben erften Blid den Berricher ertennen; die durch die Roniginnen eingeführte fpanische Etifette gab der Befellschaft eine gemeffene Saltung, einen Unftrich von Gesetzmäßigkeit und eleganter Ordnung. Es war ein Defpotismus, fagt ein neuerer Schriftsteller, gemäßigt durch Söflichkeit. Roch einige Sahre nabm bie Ronigin Mutter Unna von Desterreich den ersten Rang ein, da Maria Theresia, Ludwigs spanische Gemahlin, bei aller Liebe und Singebung fur ben toniglichen Cheberrn mehr Sinneiaung zu einem geiftlich klöfterlichen Leben als Boblgefallen an weltlicher Brachtentfaltung zeigte. Ludwig erwies der Mutter bis zu ihrem Tode Chrerbietung und Pietat, ohne ihr jedoch Ginfluß auf die Regierung ju gestatten; bier bielt er jede fremde Cinwirfung eifersuchtig fern. Auch den Frauen, die durch ibre Reize feine sinnlichen Reigungen fesselten, gestattete er feinen Ginfluß auf die Staatsaeicafte. Der glanzenofte Stern am hofe war henriette von England, Die gur tatholischen Rirche übergetretene Lochter bes unglücklichen Rarl I., welche an Ludwigs Bruder, Philipp von Orleans vermählt mar, eine Dame, die Grazie und Anmuth mit Beift und feiner Bildung verband und durch ihre geselligen Saben Alle, Die in ihre Rabe tamen, entgudte. Die Bunft und Aufinertfamfeiten, die ihr der Ronig zollte, erregten nicht felten die Gifersucht ihres Gemable. In ihrer Umgebung befand fich die Hofbame Louise de la Balliere, welcher Ludwig XIV. querft feine Reigung und Bunft guwandte. Die feingebildete, warm fühlende Dame erwiederte die Liebe des Monarchen. Sie gebar ibm eine Tochter und einen Gobn; als fich aber mit ber Beit bas Berg bes Ronigs andern

Frauen gutvandte, ging fie bon Schmerz und Reue ergriffen in ein Rlofter. Mis Die Pforte fich hinter ihr folos, fagte fie ber Oberin, "fie lege die Freiheit, mon ber fie immer einen fchlechten Gebrauch gemacht habe, in ihre Gande". Oft hatte Ludwig mit ihr in bent kleinen Jagbichloß geweilt, bas fein Bater in Berfailles erbant hatte. Diefes ließ er bann in einer Beife vergrößern und verfchonern, daß es ber neuen glangenden Gofhaltung wurdig war. Auch bie Bringen bes toniglichen Saufes und bie Saupter ber hohen Abelsfamilien jog ber Monarch an ben Sof und verficherte fich ihrer Treue und Ergebenheit burch Sahveiber und Chrenamter. Babrend fruber bie Großen im Rampf gegen Thron und Ronigthum ihren Ruhm gefucht, bewarben fie fich jest wetteifernt um bie hulb und Gnade des Gebieters. Mit welcher Chrfurcht und Devotion verfah ber einft fo ftolge Conbé die Dienfte eines Oberhofmeisters! Doch hutete fich ber Ronig, fie in eine Lage zu bringen, burch welche fie in Berfuchung tommen tomnten, Die Bflicht bes Gehorfams zu vergeffen. Als nach bem Tobe bes Pringen von Conti 1668. Bhilipp von Orleans Anspruch auf bas Gouvernement von Languedoc macht, weil einft Gafton baffelbe inne gehabt, wurde er abgewiefen. Gie follten ftets bas Gefühl haben, bag ihr Glang nur von ber Conne bes Rouigthums hetfliche. Diefer 3ber gab bas allegorifche Ritterfpiel Ausbrud, von welchem ber 1062. Carouffel-Blag ben Ramen erhielt, eine zeitgemäße Umbildung ber alten Turniere.

Und nicht bles bei ber Ration follte ber Ronig als ber Inbegriff aller Macht Stellung in und Berelichkeit gelten, Bubmig XIV. verlangte auch, baß gang Europa bein tigen bofen. frangofischen Monarchen ben Borrang unter allen Konigen einraume, ber Bertreter Frantreichs allen anbern vorangebe. Darüber gerieth er bei Gelegenheit eines Mangftreits feines Gefanbten in London, bes Grafen von Eftrabes, mit Svanien. bem spanischen Botschafter. Baron von Batteville in fo heftige Berwurfniffe mit feinem Schwiegervater, bas eine Geneuerung bes Rrieges befürchtet wurde. Rur bie Rachaieblakeit Bhilipps IV., ber Batteville von London abberief und bem Barifer Bof eine entichuldigende Ertlarung machen ließ, fiellte bas gute Einvernehmen wieber ber. Diefe Rachgiebigfeit legte Endwig fo aus, als ob ber fpanifche Monarch ber frangofischen Krone ben Borrang überhaupt eingeraumt habe, und ließ bie übrigen Sofe bavon in Reuntniß fegen. Auch ben Rouig Rarl II., ber für die englifden Schiffe ben Seegruß verlangte, nothigte Ludwig England. bon biefem Borrecht abzusteben. Und balb barauf machte er noch eine viel wich. tigere Errungenichaft. Der englische Ronig, ber ftets mehr Gelb brauchte, als bas Barlament zu bewilligen geneigt war, und ber Rangler Clarendon, ber fir Saben und Gefchente fehr empfanglich war, ließen fich bereitwillig finden, Die Seeftadt Dunkirchen, die Cromwell erworben, um die Summe von funf Millionen Livres an Frankreich abzutreten, jum großen Triumph bes tatholischen Klerus. In Dentschland wurden bie burch bie "rheinische Alliang" (G. 85) gefinfthffen Deutschland Berbindungen mit ben geiftlichen Rurfürften von Maing, Erier und Roln forg. reid. fältig gepflegt und weiter ausgedehnt. In den sudwestlichen Territorien bes

bentichen Reiches überwog bald ber frangöfische Ginflug ben bes Raisers; bis nach Thuringen und Sachsen machte fich bas machfende Unsehen Ludwigs geltenb. Gern fandte er bem beutschen Raifer Leopold eine frangofische Gulfsarmee nach Ungarn, welche zu bem Siege ber Raiferlichen über bie Domanen bei St. Gotthard wesentlich beitrug. Burbe boch baburch selbst im fernen Often Frankreichs Baffenruhm gemehrt. Und als ob der frangöfische Gebieter zeigen wollte, daß wo es fich um die Braponderang Frankreichs bandle er por teiner Autorität zurudweiche, trat ber sonft so gut tatholische Ronig felbst gegen bas Pontificat Der papite in Die Schranken. Bwifden bem Bergog von Crequi, bem frangofischen Befandten in Rom, und ben Berwandten bes Papftes Alegander VII. bestand eine gereizte Stimmung, die bald auch in die Rreise ber Dienerschaften eindrang. Die aus Rorfen bestehende papstliche Garde, die in der Rabe bes Gesandtschafts. botel ibr Quartier hatte, gerieth mit bem Gefolge bes Berzogs in ernfte Streitigteiten; Crequi felbft, ber fich burch fein ftolges anmagendes Betragen verhaft gemacht batte, wurde, als er vom Balcon berab den Tumult berubigen wollte, mit Flintenschuffen bedroht. Als auf feine Rlage die papftliche Regierung die Untersuchung laffig betrieb, ben Governatore von Rom, ber feiner Stelle freiwillig entfagte, au einem boberen Ainte beforberte und wenig Geneigtbeit zeigte, Die dem frangofifchen Ramen augefügte Beleidigung zu bestrafen; verließ Crequi den Rirchenstaat. Der Ronig nahm fich seines Befandten energisch an : er ließ ben Runtius über die savopische Grenze bringen, feste Truppen in Bereitschaft, welche die Bergoge von Barma und Modena in ihren Streitigfeiten mit dem papftlichen Stuhl über gewiffe Territorien unterftugen follten, und veranlaßte das Barlament von Mir ju bem Ausspruch, das die Grafschaft Benaisfin und die Stadt Avignon au den Domanen ber Rrone gehörten, die niemals von ber Provence hatten getrennt werden durfen. In Rom erschraf man über die brobende Saltung bes mächtigen Monarchen und entschloß fich zu einer Genugthnung, wie fie in Baris begehrt ward. Der Cardinalnepot Fabio Chigi, Bruder des Bebr. 1664. Bapftes, begab fich nach Fontainebleau und unterzeichnete einen Bertrag, in welchem ber papftliche Stuhl megen ber bem frangofischen Ramen wiberfahrenen Beleidigung um Entschuldigung bat, die forfische Garde aufloste und ihr Bergeben durch ein Denkmal vor ihrer Raferne tund machte, die Bergoge von Parma und Modena zu entschädigen versprach. Dafür wurde Avignon zuruchgegeben. Die Ehrenbezeugungen, welche dem Legaten bom Sof und bon der gefammten Geiftlichkeit erwiesen wurden, follten andeuten, daß man mit diesem Borgeben die Autorität bes firchlichen Oberhauptes nicht au schädigen beabsichtigt babe. Denn Benehmen in feinem gangen Berhalten gegen ben Alerus und die Curie beobachtete Ludgegen ben Wig XIV. stets alle Rudfichten. Bei der Anstellung der Bischöfe, die nach dem Concordat der Krone auftand (X, 92), befragte er einen geiftlichen Gewiffenerath, in welchem fein ehemaliger Betreff Sig und Stimme hatte. Benn auch

die höheren Airchenamter in der Regel den Gliedern vornehmer Familien verlieben

### II. Frantreid, die fpan. Riederlande u. die Generalftaaten. 365

wurden, so daß die bierarchischen Burbentrager einen geiftlichen Abel bilbeten; fo legte ber Kinig boch auch Berth auf geiftige Bilbung, auf Tugend und Berbienft.

Reben biefen mehr biplomatifchen Banbeln wurden auch Plane verfolgt, welche Berbaltnis auf eine territoriale Bergroßerung Frankreichs abzielten. Schon feit Richelieu waren ringen. die Blide ber frangofifden Regierung auf die Erwerbung des Bergogthums Lothringen gerichtet. Ge ift uns hinlanglich bekannt, wie tief der bewegliche, wandelbare Bergog Rarl IV. in die Rriege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Sabsburg verflochten war. Er trug wenig Lohn babon; ber phrenaifche Friede gab ihm das Land gurud, aber unter folden Beschräntungen, daß deffen Erwerbung für Frankreich nur als eine Frage der Beit erfcheinen tonnte. Der Bergog felbft ließ fich aus Abneigung gegen feine Blutsverwandten insbesondere seinen Bruder Franz und deffen Sohn Karl, den nächsten Erben, ju weiteren Bertragen herbei, welche bas Land in noch größere Abhangigkeit von dem machtigen Radbarreich bringen mußten. Richt genug, daß er den Frangofen eine breite Militarftraße von Berbun nach Des und nach dem Clfaß mit vollem Cigenthumbrecht einraumte; er folos auch einen Bertrag, traft beffen Lothringen und Bar nach feinem Tode an Frankreich fallen und die noch einzige Festung des Landes Marfal fofort einer 6. Febr. 1862. frangofifden Befatung eingeraumt werden follte, mit der Bedingung, daß die Glieber des Saufes Lothringen den Rang und die Rechte frangofifcher Bringen bon Geblut erhielten und successionsfabig murben. Allein biefer Bertrag fand auf der einen wie auf der andern Seite heftigen Biderfprud. Die Bourbonifden Bringen und bas Barlament erhoben Sinfprache gegen eine Uebereintunft, in welcher fie die alten ehrgeizigen Bestrebungen der Guifen wieder ju ertennen glaubten, und im Lande felbft gab fich ein fo großer Biberwille unter allen Ständen, insbesondere unter ben Gliebern bes berzoglichen Sauses fund, daß Karl IV., seiner wandelbaren Ratur folgend, von dem Bertrag jurudtrat und fich wieder dem Reiche und den Sabsburgern jumandte. Allein fo leichten Raufes follte er nicht babon kommen. Ludwig XIV. bestand barauf, bas weniastens die eine Bedingung bes Bertrags, die Cinraumung von Marfal erfullt werde, und drohte mit Baffengewalt. So blieb benn bem Bergog nichts übrig als frangoffiche Befahungsmannschaft in die Festung einzulaffen. Bon da an bing die August 1869. politifche und militarifche Selbständigkeit Lothringens bon dem Billen bes Ronigs bon Frankreich ab. Fur biefen aber war der Befit bes Landes für feine weiteren Blane bon der größten Bichtigfeit; es tonnte ibm als Brude und Operationsbaffs bei einem Angriff auf die fpanischen Riederlande bienen, auf die er bereits feine gierigen Blide gerichtet hatte.

# II. Stankreich, die spanischen Aiederlande und die Generalflaaten von Colland.

L. Die Seemächte und die französische Volitik.

Die europäischen Staaten hatten viele Uebergriffe und Einschreitungen Frant. Die polireiche rubig bingeben laffen, obwohl fie einzelnen Bestimmungen bes westfälischen lage und pyrenaifchen Friedens entgegen waren. Bar es baber zu verwundern, bas Ludwig XIV. zu weiteren Planen fortichritt, bag er dem Gedanken Raum gab, auf Roften ber immer mehr bem Berfalle zuellenben fpanischen Monarchie seine

Herrschaft zu vergrößern, Frankreich auf die erste Stelle in der emopäsichen Bölkerfamilie zu heben? Die Berhälmisse der benachkarten Staaten waren in den sechziger Jahren verwickelt und verwirrt genug, um einen ehrgeizigen und rutunfüchtigen Herrscher, der in seinen Mitteln nicht wählerisch war und den diplomatischen Trugkunsten mit den Baffen Nachdruck zu geben bereit stand, zu dem verwegensten Combinationen und rückstählosesten Entwiresen zu ermuthigen.

Die niebers lanbischen Unions

In den vereinigten Provingen ber Rieberfande war im Rov. 1650 ber Stattbalter Bilbelm II. von Oranien gestorben, ein thatkraftiger, staatefluger und ebler Fürst, wie seine Borganger, aber nicht ohne Neigungen, die statthalterliche Gewalt in monarchischem Sinne zu fleigern. Acht Tage nach seinem Lobe hatte seine Gemablin, eine Tochter Rarle I. von England einen Sohn geboren, ber in ber Folge als Bilbelm III. fich einen unfterblichen Ramen in ber Beitgefchichte erwerben follte. Bahrend feiner Rindheit erwachte ber alte Rannpf zwifden ber ariftofratifchnepublikanischen Staatenpartei, der die großen Sandels- und Raufherren angeborten, mit ber bemotratisch-oranischen, welche ben größten Theil bes Bolfes in fich faßte. Unter der Buhrung des unternehmenben ftaatellugen Rathopenfionarius Johann be Bitt, eines wurdigen Rachfolgers Dibenbarnevelbs, erlangte bie erftere die Oberhand und bemächtigte fich ber öffentlichen Bewalt. Das Recht, Die obrigfeitlichen Aemter und die städtischen Magistraturen zu besetzen, murbe ber Staatenverfammhung überwiefen und die republikarifche Regierungsform ohne Statthalter in ben meiften Provingen burchgeführt. Das Militär wurde theils ben Generalftaaten, theils ben Landftanden ber Provingen in ber Art unterftellt, daß in Friedenszeiten fein Generalcapitan nothig zu fein ichien. Wir wiffen, welche Ranufe der hollandische Freistaat mit der englischen Republit zu bestehen batte. Der Deis bes Friedens war die Ravigationsafte und die Ausschliefung des Baufes Dranien von ber Statthalterfchaft in Solland und Weftfriedland und von ber oberften Befehlshaberftelle in ber Land- und Seemacht. Seitdem lag die Leitung der öffentlichen Dinge gang in der Band ber Republikaner, die von Freiheitsgefühl und Patriotismus erfüllt bem Gemeinmefen einen traftigen Aufschwung gaben. Der blubende Bandel und der treffliche Buftand ber Seemacht zeugten von der Thatigkeit und bem vaterlandischen Sinne diefer ariftokratischen Manner, welche die burgerlichen Berruttungen ber übrigen Staaten gur Erhöhung bes eigenen Anfebens, zur Ausbehnung ihres Coloniafrocens, jur Defrung und Bebung ihrer Marine zu benuten verftanden. In dem banifch-ichwedischen Rrieg traten die Generalstaaten mit schiederichterlicher Autorität auf, Johann de Bitt, beffen Bater, Burgermeifter von Dordrecht, einft von Bilbelm II. als Staats. gefantener mit fanf andern. Deputinten nach Schlof Loevestein geschielt worben, mer ein fcharfer Gegner ben Monarchie, aber ein Mann von feltener Ginficht in ftaatemirthichaftlichen, finanziellen und palitifchen Dingen, rechtschaffen im Leben, bulbiam in der Religion und von einer unermüblichen Arbeitelraft. Als aber Rarl II., ber Dheim best jungen Dranien von mutterliefter Seite und ber Reind ber

patricifchen Faction, die ihn einft aus ihrem Lande gewiesen, den englischen Thron erlangte, fliegen balb baftere Bolten auf. Die offentliche Reimung in Curopa wendete fich gegen die republikanischen Bringipien; in England, in Frankreich, in Danemart erhielten bie monarchischen Ibeen bie Dberhand. Es war au ffirchten, bas fic ber Stuart'iche Ronig feines Reffen annehmen, Die Biebereinsehung besfelben mit ben Baffen in ber Band verlangen werbe. Schon feit Jahren hatte die Rivalität ber beiben Bolfer jur See und in ben Gelonial. gebieten einen Banbftoff gehäuft, ber balb in Flammen ausbrechen nunte. Su England, wo in ben erften Jahren ber Reftuuration ber Royalismus und die Spinpathien für bas Stuart'iche Ronigshaus bobe Bogen trieben, ftimmite bie Ration mit ihrem Monarchen in ber Beindschaft gegen bie republifanifchen Benerafftaaten überein. Auch im eigenen Bande, in Geeland, in Ober-Pffel, in Groningen bob die granische Bartei wieder ihr Sandt fühner empor. Wir wiffen ja, wie wenig die ftolzen und eigenmächtigen Raufherren von Aufterdam, beren tolerante arminianische Religionsrichtung ben freng-ealvinischen Predigen ein Aergernis war, fich die Gunft und Juneigung der Boltspartei zu orwerben verftanden. Unter diefen Umftanden naberten fich die Saupter ber niederlandischen Regierung dem framgofischen Machthaber. Satte ja boch in ben Beiten bes großen Rampjes gegen Spanien ftets ein gutes Berhaltnis mit dem Parifer hofe obgewaltet. Endwig XIV. funt ben Staaten freundlich entgegen: Schon int Frühighr 1662 murde ein Sandels- und Schiffighrisbertrag und ein Bundmiß 27. Apr. ju gegenschinem Beiffand fift ben Ball eines Rrieges vereinbart. Seitbem mar bas Saus des frangofficen Gefandten im Sang, bes Grafen von Cfinades, ber Mittelvimit wichtiger Stantsverhandlungen, wo die Baben der europäischen Diplomatie zufanmenliefen.

Dei diefer Berbindung handelte es fich in erfter Linie um bie Frage über bad Die fpanifce Unftige Schiffal ber fpanischen Wiebersande. Aubwig XIV. wer fchen langfe frage. entschloffen, Die Ontfagung feiner Gemablin auf jede Erbberechtigung in bem väterlichen Reiche nicht als verpflichtend anzwerkennen. Es fand gar nicht in den Befugnif der Infantin, so wurde argumentiet, filv sich und ihre Nachkommen einem Bochte zu entfagen, bas in Sofed und Gerkommen begründet fei. Satte boch Ronig Berbinand einmal felbft erffart, eine Bergichtleiftung auf ein Majerat sei ungultig; und war bem die Krone nicht auch ein Majorat? St wurde serner darauf hingewiefen, das die Reunnciationsalte, zu der man die Infantin gepwungen, niemals von dem französischen König ratificirt worden und bag ber Brautschatz, von beffen Entricktung die Galtiglit berselben abbangia sein follte. niemats ausbegahlt marb. Auch zugegeben, baß für Spanien felbft bie mannliche Abronfolge rechtsbeständig fei, das nach dem Tode Philipps IV. sein noch umuntmbiger Gohn zweiter Che, Rarl bas vaterliche Reich fraft feines Geburth. rechts autrete: folkte diefer Fall auch für die übrigen Theile der Monarche maß. gebend feint follten insbesondere bie nieberlandischen Provingen, die fich noch

immer einer gewiffen Selbständigkeit in ber Berfaffung, in ber Rechtspflege, in ber Gefeggebung und in dem gangen öffentlichen Leben erfreuten, willfurlich von bem Madriber Ronigshof fort und fort regiert werden? Es ging bas Gerucht, Philipp IV. habe die Absicht, die flandrischen und brabantischen Brobingen seiner jungeren Tochter Margaretha ale Mitgift zu ihrer Bermahlung mit Raifer Leopold zu übergeben und badurch die Solidaritat ber Sabsburgifchen Sausintereffen aufs Reue zu befestigen. Dieses Borhaben, bas in ben Rieberlanden selbst viele Gegner hatte, wollte man in Frankreich auf alle Beise verhindern. Es war baber bas eifrigfte Anliegen Ludwigs XIV. alle Borbereitungen au treffen, um bei bem hingang seines Schwiegervaters im Namen seiner Gemablin, der Infantin aus erster Che, Unspruche auf die fpanischen Besitzungen an ber Schelbe und am Jura zu erheben. Schon bamals borte man in Paris die Bemertung, Frantreich fei gegen Rorden und Often in zu enge Grenzen eingefcbloffen. Die Juristen wiesen nach, daß in Brabant, Ramur und andern niederlandischen Orten ein "Devolutionsrecht" bestehe, fraft beffen bei bem Tobe eines Chegatten und der Biederverheirathung des überlebenden die Rinder erfter Che ohne Rudficht bes Geschlechts benen ber zweiten in ber Erbichaft vorangingen, bem Bater nur bis zu seinem Tode die Runniegung ber Guter und Leben auftebe. Barum follte es nicht gulaffig fein, biefes für bas Civilerbrecht gultige Gefet und Bertommen, bas felbst bei Bererbung großer Leben icon gur Anwendung gefommen, auch auf bas Staats- und Ronigsrecht überzutragen?

Lubwig XIV.

Die Batrigier, die unter de Bitte Führung die Generalstaaten regierten, Denfionarius befanden fich in einer fritischen Lage. Trop eines Friedensvertrags, zu dem fich be Bitt. Ratl II. im 3. 1662 herbeiließ, stand boch der Ausbruch eines neuen Rrieges amischen ben beiben Seemachten in naber Aussicht. 3war batte ber Rathspenfionarius, um den englischen Ronig verfohnlicher zu ftimmen, die Ausschließungsatte aufheben und die Erziehung des Prinzen unter die Aufficht ber Regierung ftellen laffen, "damit derfelbe gur Berwaltung der hohen Aemter feiner Borfahren geschickt gemacht würde;" nichts besto weniger bauerte die feindselige Stimmung fort. Die englische Ration mar voll Reid und Gifersucht auf die hollandischen Sandelsherren, die ihrer Marine und ihren Colonien eine fo erfolgreiche Concurrenz machten, die auf allen Martten Europa's die britischen Raufleute überflügelten, die in Bließingen und Amfterdam die Baaren bon Oft- und Beftindien aufftapelten. Bie oft lagen auf der Beftfufte bon Africa, in Guinea, am Budfon in Nordamerica, auf den Infeln der indischen Oftwelt hollandische und englische Seeleute mit einander in erbittertem Rampfe! Bie oft geriethen beim Ballfifch. und Baringfang Angeborige beider Bolter in blutige Raufbandel! Manche Beschwerden und Entschädigungeforderungen maren noch nicht ausgeglichen. Ronig Rarl II., beffen Gemablin bem Baufe Braganza angehörte, gurnte ben Staaten wegen ihrer Feindseligkeiten gegen die Bortugiefen. Dagu Die immer scharfer hervortretende Opposition ber oranischen Partei in ben Bro-

# II. Frantreid, die fpan. Riederlande u. die Generalftaaien. 369

vinzen der Union. In dieser schwierigen Lage glaubte Johann de Witt bas Bunduiß, bas ibm Ludwig XIV, durch Eitrades anbieten ließ, nicht von der hand weisen zu durfen, obwohl dem icarfblidenden Manne teineswegs bie selbstfüchtigen Absichten bes frangofischen Machthabers verborgen bleiben fonnten. "Die regierenden patrigischen Sippen der Proving Holland, welche das Statthalterthum beseitigt und darauf die andern Brovingen der Union ihrer Führung unterworfen batten, glaubten ben Chrgeiz Ludwigs XIV. am leich. teften durch Liebtosungen zugeln zu konnen." Wenn ber frangofische Gefandte auch noch feine Bestechungsfünste anzuwenden versuchte, so verfehlte er seinen 3wed bei dem uneigennützigen Staatsmann, "der fich in seine Tugend hüllte". De Bitt erflarte, burch die Freundschaft bes Ronigs fei er ichon weit über ben Berth feiner Dienste belohnt. Es wurde über eine Erneuerung bes Theilungstractates bom 3. 1635 verhandelt: Frankreich follte feine Grenzen gegen Rorden, Holland gegen Suden ausdehnen, die mittleren Provinzen fich zu einem unabbangigen tatholischen Freiftaat vereinigen. Bu einem völligen Abschluß tam es jedoch nicht. Die Generalftaaten konnten kein rechtes Bertrauen faffen, und Ludwig XIV. wollte fich nur der guten Dienste des Freistaats versichern und ihn von einem Anschluß an Spanien abhalten, ohne fich jedoch die Sande zu binden. In dem englisch-hollandischen Krieg, der bald nachher ausbrach, nahm er eine Haltung, durch die er fich nach feiner Seite blosstellte und die ibm boch Gelegenheit gab, feine Ruftungen zu vervollständigen, ohne Argwohn zu erregen. Rur in so weit leistete er den Generalstaaten Hulfe, daß er den Bischof von Münster Bernhard von Galen, der als Berbundeter Rarls II. in Butphen und Ober-Bfiel einfiel, durch triegerische Drohungen von weiteren Reindseligkeiten abhielt. Es war ihm ganz recht, wenn fich die beiben Seemachte gegenseitig ichmachten. Dann hatte er um fo weniger für feine Blane auf die fpanischen Riederlande von ihnen zu fürchten.

Mit derfelben Bweideutigkeit und politischen Arglift benahm fic der Ronig in den Maricall Angelegenheiten Portugals. Bir wiffen, wie wenig fich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durch in Bortugal. den phrenaifchen Frieden abhalten ließ, ben Bortugiefen in ihrem Unabhangigfeitstampf gegen Spanien bald offen bald heimlich Sulfe zu leiften. Rarl II. wurde vom Barifer Dof aufgemuntert, seinen Berwandten in Liffabon beigufteben, und ber Maricall Schomberg, aus ber rheinlandifch-pfalzischen Familie der Schonberge, durfte mit einem frangoffichen Freicorps den Portugiefen ju Gulfe ziehen. Bugleich aber bot Ludwigs Gefandter in Madrid, George d'Aubuffon de la Feuillade, Erzbifchof von Embrun dem spanischen König die Unterftugung Frankreichs gegen Portugal an, wenn die Richtigfeit der Renunciation der Konigin ausgesprochen wurde. Denn in diefem Falle halte fich der frangofifche Machthaber für verpflichtet, Die Monarcie, Die ja möglicher Beife feinen eigenen Rachtommen zufallen tonnte, in ihrer Integrität zu erhalten. Der garte iowachliche Infant Rarl ließ kein langes Leben erwarten. Erft als Philipp IV.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dem fpanischen Staatsrath an der Gultigkeit der Entfagungsatte festhielt, wurde auch die Unterftugung Portugals ernftlicher betrieben. erhielt regelmäßige Beihülfe.

Der verstedte Krieg, den die englischen und hollandischen Sandelsgesell-Bolland und schaften, insbesondere die westindischen Compagnien mit einander führten, ging 1665. 66. endlich in einen offenen über. Das Parlament selbst forderte den Ronig dazu auf und bewilligte ju ben Bedurfniffen und Ausruftungen eine Geldfumme, wie fie noch niemals von dem Sause votirt worden war. Die niederlandische Re-3an. 1665. gierung antwortete mit einem Einfuhrverbot englischer Fabricate. Balb folgte die Rriegsertlärung von Seiten bes englischen Ronigs und fofort murden auch die Weindseligkeiten in den europaischen und ameritanischen Gemaffern eröffnet. In einem ichlachtenreichen Rrieg mit großen Thaten und Bechselfallen maßen nun abermals die um die herrschaft bes Meeres ftreitenden Rationen ihre Rrafte; Ebraefühl, Nationalftoly und Rubmbegierde verbunden mit Eroberungeluft, Bewinnsucht und Sandelsintereffen trieben auf beiden Seiten zu fühnen Unternehmungen und muthigen Augriffen. Durch eine Art von Raturnothwendigkeit wurden die beiden Seemachte noch einmal in den Rampf gezogen. "Es war wie eine Chrensache zwischen zwei Fechtern, die durch eine lange zurudgehaltene Feindseligkeit augefeuert find, und von benen jeder ber ftarkere zu fein glaubt. Un der Spige ber englischen Armada ftand ber Bergog von Bort, bes Ronigs Bruder und Thronfolger als Großadmiral; ibm aur Seite der aum Bergog von Albemarle erhobene Stuart'iche Parteiganger Mont und einige Seecapitane aus Cromwells Beit, wie Benn und Lawfon. Die niederlandische Flotte befehligte ber Admiral Opdam-Baffenaar, ein hervorragendes Saupt der patrizischen Partei; unter ihm die erprobten Seehelden de Rupter, Evertfen und ber jungere Tromp. Buni 1865. Die Englander maren Anfangs im Bortheil : Auf der Sobe von Sarwich wurde bas Abmiraliciff, von beffen Berbed berab Opham die Schlacht leitete, burch ben "Ropal Charles" bes Bergogs von Bort in die Luft gesprengt; nur ber Geschicklichkeit Tromps mar es zu danken, daß die hollandifche Flotte, wenn auch mit großen Berluften nach der heimathlichen Rufte gerettet ward. Bald barauf tehrte de Ruyter aus ben afritanischen und westindischen Gewäffern nach bem Texel jurud und übernahm ben Oberbefehl. Er hatte bort manches gludliche Gefecht bestanden und manches Berlorene gurudgewonnen : nur die Colonie Reu-Riederland in Rordamerica batte der Beftindienfahrer Solmes für die englische 1664. Sandelsgesellichaft erobert und der Stadt Reu-Amfterdam den Ramen Reu-Borf gegeben. Durch die Aufunft be Rupters und die energische Thatigfeit be Bitte. ber felbft nach bem Texel geeilt war, wurden die Berlufte wieder ausgeglichen, Die Bemühungen ber oranischen Parteigenoffen, dem Prinzen den Oberbefehl zu bericaffen, gurudgewiesen. Es gelang bem neuen Befehlshaber, die oftindischen August 1665. Schiffe, die mit einer Ladung von feche Millionen Goldes auf weiten Umfahrten uach Europa gesegelt waren und bei Bergen in Norwegen por Anter lagen. gludlich nach der Beimath zu führen, ohne daß die englische Botte unter Pon-

tague Sandwich ihn daran zu hindern vermochte. Der banische Konig Friedrich III. hatte fich mit dem englischen Admiral über die Theilung der Beute geeinigt; aber

ber Commandant bes Blages tounte babon nicht zeitig genug benachrichtigt werden und war ben Sollandern behülflich. Der Ronig verbarg feinen Betbruf und erneuerte mit den Generalstaaten, die ihm einst bas Reich gerettet, bas frühere Bundnis. Der Abmiral Sandwich, eines ber Sandier ber Reflectruffonebewegung, mußte ben Oberbefehl über die Flotte abgeben.

Als im Oftober bas Parlament wieder ausammentent, diesnial in Orford Fortführung weil in Landon die Beft herrichte, ftellte fich heraus, bag bie Gubfibien, Die für Lubwige drei Jahre veichen follten, icon im erften erschöpft waren, weniges burth ben babel Arieg felbit ale burch Unterschleif und Berichmenbung. "Die Schmeichler bes Bofes hatten fich femell bereichert, während die Matrofen burch Spunger zwe Menterei gebracht wurden, Die Schiffswerften ohne Schut, Die Schiffe bet und ohne Lutelage waren." Es erhob fich baber bie Frage, ob wan ben Arieg weiter führen ober die von Ludwig XIV, angebotene Friedensvermittelung annehmen follte. Der Royalismus batte zwar bereits von feiner Gluthige nachgelaffen; bennoch wur ber haf und Reid gegen ben Rivalen auf ber Gee und im Martibertehr noch wirkfam genng, jur Fortsehung bes Rrieges angutreiben, selbst auf die Gefahr bin, bos Frantreich von der Bermittlerrolle zu einer aktiben Simmifchung übergeben follte. Die frangöfifchen Borfchlage gur Ausgeleichung der oftindischen und afritanischen Streitobjette fcienen bent Parlamente zu ungunftig. Der Berbruf über bie Einmischung trug zur Genärfung bes Rriegseifers bei. Selbst die Diffenters, die man im Berbacht geheimer Sympathien für die calvinifche Republit hatte, erfuhren die Radivictung des neuen triegerischen Aufschwungs. Es wurde erwähnt, daß Ludwig nicht allzustart für feine hollandifchen Freunde Partei nahm; bennoch war feine Saftung diefen von Bortheil: er bewirfte, daß Danemart und Schweden eine der Rebublit gunflige Rentralität besbachteten und nothigte England feine Flotte zu theilen, um micht unberfebens und ungebedt von Frantreich angegriffen zu werben. Go tonnte es gefcheben, daß bei ber Semenerung bes Rrieges Die Englander in ber großen Seefchfacht 11-15. Juni ber vier Tage fchließlich inr Nachtheil blieben, bag ber Abmiral Mont und Bring Auprecht, der fich am britten Sag mit ihm vereinigt hatte, die Refte ber fehr beicabigten und verminderten Flotte bie Themfe hinauffichren mußten. 23 englifche Schiffe waren verbrannt, versentt, weggeführt, die Bahl ber Sobien ward auf 6000, bie ber Gefangenen auf 3000 Mann gerechnet; unter ben 2000 Tobten der Pollander war ber tapfere Abmiral Cornelins Evertsen. Seine Stelle nahm fein Bruder Johann ein; auch er wolle, entlärte er ben Staaten, gleich feinem Baier, seinen vier Brüdern und einem seiner Sohne auf bem Welde ber Chre fir fein Baterland failen. Gein Bille follte bald erfillt werben. In feche Bochen hatten die Englander ihre Motte wieder in solden Stand gebracht, daß fie fich mit bem Beinde in eine neue Schlacht einlaffen tomnten. DieBenal blieben fie imi4. Mug. Bortheil; ber alte Evertsen verlor sein Leben; Tromp und be Rupter entzweiten fic); diefer beschuldigte ben erfteren, er babe burch voreilige Berfolgung einiger

feindlichen Schiffe bas Unglud verschuldet: Tromp, als Anhanger ber oranischen Faction bei der herrschenden Aristocratie mißliebig, wurde von de Bitt seines Umtes entfest.

Der Rathspensionar beschuldigte die Oranier, baß fie die Regierung durch

Die Themfe-

fabrt und der Intriguen mit England zum Frieden zwingen wollten; er verfolgte sie daher mit Breda, 1667. ber rudfichtslofen Energie eines republitanischen Barteihauptes; be Buat, ein früherer Edelfnabe des Prinzen mußte mit dem Leben bugen. Es war ein wunderbarer Mann, diefer Johann de Bitt; Richts vermochte ihn von feinen Entwürfen abzubringen. Mit berfelben Energie, wie er die Feinde niederwarf, verwaltete er die Angelegenheiten des Staats. Bum brittenmal konnte eine neue große Flotte unter bem Oberbefehl be Rupters und seines eigenen Bruders Cornelius de Bitt in See ftechen; augleich brachte er Frankreich und die beiden ftandinavischen Staaten babin, daß fie entschiedener fur die Republit eintraten. Daburch fab fich Rarl II, bewogen, auf Frieden zu benten. Schon waren die Bevollmächtigten ber friegführenden und vermittelnden Staaten in Breda zu dem Friedensconares versammelt, als Johann de Bitt, da fich die Berhandlungen hinauszogen und mittlerweile ber Rriegszustand fortdauerte, einen fuhnen Entschluß faßte. Der Ronig von England follte gum Frieden gezwungen werben, ebe er Beit batte, mit Frankreich bas bereits eingeleitete Bundnig abzuschließen. Bu dem 3wed mußte der Admiral de Rubter, den der Ruwaard Cornelius de Bitt als Commiffar der Stande begleitete, einen diretten Angriff auf bas Inselreich machen. In die Themse einfahrend zersprengten fie die oberhalb Sheernes über den Strom Buni 1867. gezogene Rette, nahmen oder verbrannten bei Chatam fünf große Rriegeschiffe, barunter den Royal Charles, auf bem einft der Ronig gurudgefehrt mar, bernichteten weiter aufwarts bei Rochefter brei große Schiffe und mehrere tleine Fahrzeuge und tehrten bann nach Margate und Rorth Foreland jurud, die Munbung des Fluffes mit einer Blotade bedrobend. In London, wo man fich noch nicht bon der gewaltigen Beuersbrunft erholt batte, lebte man in großer Be-31. 3uli forgniß. De Bitt erreichte seinen 3wed. England willigte in den Frieden von Breba, in welchem die Navigationsatte gu Gunften Sollands gemilbert und die Bestimmung getroffen ward, daß jeder Theil im Besit ber Länder und Ortschaften, so wie der Schiffe und Guter bleiben follte, die er vor und in dem letten Rriege an fich gebracht habe. Damit war auch die Berbindung von Reu-Riederland (New-Bort) mit den übrigen englischen Befitungen in Rordamerica ausgesprochen. So war benn in bem Augenblid, ba fich in ben spanischen Rieberlanden wichtige Ereigniffe vorbereiteten, ber Friede zwischen England und ben Generalftaaten außerlich bergeftellt; allein die maritime Gifersucht ber Englander, Die eigentliche Quelle der Reindseligkeiten, mar durch die Themsefahrt noch geicarft worden. "Ginen Angriff, ber bie Sicherheit von London gefährbete, konnte weber die Regierung noch felbst die Ration ben Sollandern vergeben."

### II. Frantreid, Die fpan. Rieberlande u. Die Generalftaaten. 373

#### 2. Der franzöfisch-spanische Krieg und der Dreiftaatenbund.

In Frankreich war die dienstbefliffene Rechtsgelehrsamkeit den Bunfchen Abrondes Ronigs ju Bulfe getommen : juriftifche Deductionen batten barguthun gefucht, Spanien. daß der königlichen Gemablin, als der alteren Schwester ein naberes Recht auf Staatstunft. die Erbfolge in den Riederlanden auftebe, als dem jungeren Bruder. Benn es gelang, ben König und den Staatsrath von Madrid von der Richtigkeit diefer Auffaffung zu überzeugen, fo konnten die spanisch-niederlandischen Provinzen ohne Schwertstreich fur Frankreich gewonnen werben. Die beiden Roniginnen, die Schwester und die Tochter Philipps IV. follten in Madrid in diesem Sinne wirten. Aber ebe noch der Borfchlag an ben fpanischen Monarchen gelangen tonnte, fchied diefer aus der Belt. Ueber feinen unmundigen Sohn Rarl II. 17. Sept. führte die Königin-Mutter, Maria Anna, Tochter des Raifers Ferdinand III. bie vormundschaftliche Regierung. Un biefe richtete nun die Schwägerin Unna von Desterreich bas Ersuchen, zur Erhaltung bes Friedens zwischen beiben Rachbarreichen in die Abtretung ju willigen. Maria Unna aber erwiederte: "durch die teftamentarische Anordnung ihres verftorbenen Gemahls fei fie berpflichtet, die Provingen der Monarchie ungeschmälert beisammen zu halten, nicht ein Dorf konne und werde fie abtreten". Dies war die Meinung ber gangen Ration: felbft in ben Rieberlanden wurde bem unmundigen Ronig unverzüglich ber Treueid geleistet. Unter biefen Borgangen ichied auch Anna von Defterreich aus der Welt, die, wie fehr fie fich immer als frangofische Konigin gefühlt, boch 3an. 1666. ftete bemubt gewesen mar, die Union zwischen beiden Reichen zu erhalten. Sett war Ludwig XIV. von allen Rudfichten entbunden und beschloß, sein langst gebegtes Borhaben auszuführen. Roch waren zwei Rriege im Gange: ber englifch-hollandische und der portugiefisch-spanische. Rarl II. von England war in beide verflochten. Dit machiavelliftischer Staatstunft bot nunmehr Ludwig XIV. allen friegführenden Theilen seine vermittelnden Dienfte an: bei dem spanischen hofe, wo die religiösen Interessen besonders ins Gewicht fielen, betonte er den tatholischen Charafter Frantreichs, suchte aber zugleich ben portugiefischen Fürsten jum Ausharren zu bestimmen und brachte die Bermablung Affonfo's mit ber Tochter des Bergogs von Remours ju Stande (S. 305.); mit ben General. staaten und ihrem Saupte Johann de Bitt bestand ja noch ohnehin die Bundesgenoffenschaft bom 3. 1662; bem englischen König ftellte er ein freundschaftliches oder neutrales Berhalten mahrend des Rrieges in Aussicht, wenn berselbe ben Unternehmungen Frankreichs teine hinderniffe in den Beg legen murbe. Die Berhandlungen gingen burch bie Sand ber Mutter bes Ronigs, Benriette von England, die damals in Chaillot wohnte, und blieben ein vollständiges Beheimniß. Die beutschen Fürsten am Rhein brachte er burch Einzelvertrage zu bem Berfprechen, daß fie den taiferlichen Eruppen, falls fie den Flanderern ju Gulfe gieben wollten, den Uebergang über den Strom wehren wurden. Schon bei

biefer Gelegenheit leiftete ihm Wilhelm von Fürstenberg, geheimer Rath des Aurfürsten von Köln wesentliche Dienste. Er wie seine beiden Brüder, Franz Bischof von Strafburg und Hermann, Oberhosmeister des Aurfürsten von Bayern handelten ganz im französischen Interesse.

3a noch mit viel weitergebenden Allianzgedanken trug fich ber Ronig in ben Bertrag jugendlichen Aufschwung seines herrschergeistes, mit Planen, die man für abenteuerlich Frankreich halten möchte, waren sie nicht in der Folge in anderer Form bennoch zur Birklichkeit und bem anderer Born dennoch zur Birklichkeit und bem Raifer, geworben. Die archivalifche Geschichtsforschung späterer Jahre hat Beweisstude zu Tage gefördert, aus denen hervorgeht, daß um diese Beit zwischen Paris und Wien ein Theilungspertrag über die fpaulice Monarbie verabrebet ward für den Rall, bas der junge Ronig, an beffen Lebensfabigkeit man vielfach zweifelte, ohne Leibeserben aus ber Belt geben follte. Buerft forfcte ber Rolnifde gurftenberg in Bien, wie man eine folde Eröffnung aufnehmen murbe; die Fürsten Auersperg und Lobtowis, die einflubreichsten Minister waren bem Gedanken nicht abgeneigt : jener hoffte dabei burch Ludwigs Berwendung ben Cardinalshut zu erlangen, ben letteren lodte die Ausficht auf frangofifches Gold. Die Sache murbe jeboch nicht geheim genug gehalten ; der spanische Gesandte bellagte fich über ein fo treuloses und ungerechtes Borhaben, und Marg 1687. der Raifer wollte nichts davon wiffen. Gin halbes Sahr fpater, als der Feldzug gegen die Rieberlande icon im Sange mar, tauchte ber Borfchlag von Reuem auf. In der 31. Decbr. Reujahrenacht folich fich ber franzöfische Gefandte, Ritter von Gremonville, in einen dichten Mantel gehallt zu dem Fürsten von Auersperg und feste ihm in vertraulichen Gesprächen auseinander, wie gwedmäßig es ware, wenn die zwei mit den beiben 3nfantinnen verheiratheten Berricher über eine Theilung des fpanischen Reiches für den Fall des kinderlosen Ablebens des dermaligen Ronigs fich rechtzeitig verftandigten. Daburch murben alle anderweitigen Anspruche und Ginreben, Die etwa erhoben werben möchten, im Reime niebergefclagen werben. Much bie gemeinschaftlichen relie gibfen Intereffen wurden betont; wenn bie zwei größten tatholifchen Machte durch einen Freundschaftsbund vereinigt maren, mit welchem Rachbrug tonnte man bann ben tegerischen Regierungen und Boltern begegnen! Raifer Leopold ging auf die Borichlage 19. San. ein: am 19. Januar murbe ein Freundichafte- und Alliangbertrag unterzeichnet, in welchem eine Theilung ber fpanischen Monarcie zwischen den beiden verwandten Sofen in Ausficht genommen war. Dem Raifer follten bie Sauptlander zufallen : Spanien felbft, die Staaten in America, auch Mailand und Sardinien; bagegen follte Ronig Lubmig Befig ergreifen von den fpanifchen Riederlanden, ber Franche-Comte, bem Rönigreich Reapel und Sieilien und Navarra, dem Stammlande feiner Abnen; felbft die Philippinen und die afritanischen Ruftenorte follten zu seinem Antheil gehören, denn ju der weltbeberricenden Großmacht, ju welcher er Frankreich ju erheben gedachte, waren auch auswärtige Bestsungen, war auch eine imponirende Marine nothwendig-Diefer eventuelle Theilungsvertrag, ber ohne Rudficht auf die Boller und ihre Rechte im Sinne des barteften Absolutismus über bas Schidfal ganger Reiche wie über einen Privatbefit verfügte, blieb dem übrigen Guropa ein vollständiges Geheimnis. Selbst Rarl II. hat nie davon Runde erhalten. Die Grundbedingung, der baldige Tod des fpanischen Ronigs ging nicht in Erfüllung, und der Sang der Ereigniffe führte gu andern Befoluffen und Coalitionen. Die Anficht, die mabre Politit Defterreichs muffe dabin trachten, bas die Reiche der beiben Sabsburger Linien wieder vereinigt wurden, gewann in Bien die Oberhand. Gelbft Auersperg, verftimmt, das ihm ber verfprocent Rardinalshut boch nicht ju Theil warb, gab ben Theilungsplan auf. Aber Die SucII. Franfreich, die fpan. Rieberlande u. Die Generalstaaten. 375

cessionsrechte, die Ludwig durch seine Semahlin erlangt zu haben glaubte, verschwanden nicht aus seinem Geiste.

Durch folde Runfte und Unterhandlungen gelang es bem frangofischen Ronig Ginfall in die Riederlande au ifoliren. Spanien burch tauschende Borfpiegelungen von Frieden und Bermittelung in Sicherheit ju wiegen und die eigenen Ruftungen ju vervollständigen, ohne Berbacht zu erregen. In Amiens fammelte fich unter Eurenne die Hauptarmee; ju biefer begab fich im Mai der Konig felbft, "um Rai 1067. unter biefem Meifter das Rriegshandwert zu lernen". Der Ronigin-Regentin in Madrid hatte er gubor ein Schreiben mit ber Darlegung feiner Anspruche auf Brabant und die übrigen niederlandischen Provinzen einreichen und die Erflarung abgeben laffen, daß er genöthigt fei, das Recht, das man ihm verweigere, mit den Baffen fich zu berichaffen. Gine Gegenschrift, welche bon bem taiferlichen Gefandten in London, Francesco bell' Ifola, "der den Augen des Saufes Defterreich mit allen Rraften fuchte", unter bem Litel "Schild von Staat und Recht" bekannt gemacht wurde und die Ungerechtigkeit der Ansprüche und das perfide Borgehen des frangofischen Hofes in feiner gangen Gefährlichkeit barftellte, bermochte ben Bang der Ereigniffe nicht aufzuhalten. In ben letten Tagen des Mai rudte das beer gegen die Los vor. am 2. Juni 20g Turenne in Charleroi ein. Der Ronig 2. Juni 1667. ware gerne fogleich nach Brabant, in das Berg des Landes vorgedrungen; allein der Marschall hielt zurnd, er wollte seine noch junge Infanterie nicht sogleich auf einen Rriegeschauplat ftellen, wo voraussichtlich ber größte Biberftand zu erwarten mar. Er eroberte Tournay, Douay, Dubenarde und ichritt bann, nachs Juni und dem er die andern Truppenabtheilungen unter d'Aumont und Crequi, der an der Mofel aufgestellt mar, an fich gezogen, jur Belagerung von Lille. Diese Beit hatte der Gouverneur der Niederlande, Marquis von Caftelrodrigo benutt, um die Hauptfestungen in guten Bertheidigungezustand zu fegen und die unhaltbaren niederzureißen. Das tonigliche Beer fand baber überall ftarten Biberftand: Lille tonnte erft nach langerer Belagerung bei einem britten Sturm erobert wer. 20. Aug. den. Graf Marfin, ein alter Anhanger Conde's, der im fpanischen Seer diente, hat fich bei diesem Bertheibigungefrieg gegen seine Landsleute besonders berborgethan; doch erlitt er auf bem Rudzug bei Brugge eine Rieberlage. Als die Bitterung ungunftig zu werden anfing, tehrte Ludwig zu den hoffesten nach Berfailles gurud und die Marichalle bezogen die Binterquartiere.

Dieses seindselige Auftreten Frankreichs gegen eine befreundete Macht, ein Ludig begenzt seinem Hinterhalt unternommener Ueberfall erregte in ganz Europa das brode größte Aufsehen: es war der Anfang einer Eroberungspolitik, die aus der Schwäche und Uneinigkeit der Rachbarn Bortheil zu ziehen suchte; einer Politik der Selbstssuch und Gewalt, deren Grenzen nicht abzusehen waren. Die Engländer und Hollander eilten daher, durch den Abschluß des Friedens von Breda Beit zu weiteren Entschlüffen zu erlangen; in Madrid konnte man die Bestürzung und Entrüstung kaum verbergen. Selbst in Wien war man betroffen über das eigen.

machtige Borgeben. König Ludwig hielt es für angemeffen, die öffentliche Deinung burch genauere Begrengung feiner Anspruche zu beruhigen. Spanien die Franche-Comté, Lugemburg, Cambray und einige niederlandische Grenaplate abtrete, ertlarte er, wolle er die feiner Gemablin durch ben Tod ihres Baters zugefallenen Rechte aufgeben.

De Bitte

Sang besonders fühlte be Bitt patriotische Betlemmungen. fice 284 feinen Berbindungen mit Frankreich weiter gegangen, als die Generalftande gebilligt hatten. Sest erschien er als Mitschuldiger an bem frangofischen Ueber-Und konnte die hollandische Republik ruhig zusehen, daß anstatt der ichmachen fvanischen Regierung ein eroberungefüchtiger Großstaat die flandrischen und brabantischen Provinzen in seine Gewalt bringe? Richt einmal die gefammte patrizische Faction, die bas Regiment führte, mar mit be Bitte Politit einverftanden, viel weniger die Dranier, welche Frankreich haßten. Der Rathspenfionar erkannte bas Gefährliche seiner Lage und war daber seit dem Frieden mit England bedacht, dem weiteren Borgeben des mächtigen Rachbars Einhalt zu thun. Er konnte sich nicht entschließen, mit Spanien in ein Bündniß einzutreten, wie gunftige Bedingungen auch immer der Generalgouverneur in Bruffel für eine Unterftubung an Geld und Sulfetruppen anbot. Dagegen glaubte er im allseitigen Intereffe ju handeln, wenn er einen Musgleich ju Stande brachte. Dies tonne gefcheben, wenn die beiden Seemachte, die noch bor Rurgem die Baffen gegen einander getragen, fich die Bande gur Durchführung pacificatorischer Absichten reichten. Und ba fand er einen gleichgefinnten Forberer feiner Plane in einem Staatemann, beffen Fähigkeiten und Anfichten er auf bem Friedenscongreß in Breda tennen gelernt hatte. Es war Sir William Temple, englischer Acfident in Bruffel. Auf einer perfonlichen Busammentunft im Saag tauschten beibe ihre Gedanten aus. Spanien follte jur Abtretung ber bon Frankreich gemachten Eroberungen gebracht werden oder fich zu einem Erfat verfteben. Auf Grund Dieser "Alternative" follte ber Friede hergestellt werden. Es war feine leichte Sache, das amifchen England und Holland obichwebende Mistrauen zu verfcheuchen. In London traute man dem Rathspensionar die Absicht zu, die belgischen Brovingen mit Frankreich zu theilen; im Bag und in Amfterdam tannte man die Sympathien Rarls II. fur ben Hof in Berfailles. Und in der That neigte ber Ronig mehr zu einem Bundniß mit Frankreich als mit der Republik. Gegen biefe hatte er feine Abneigung noch teineswegs verwunden; und gerade bamals hatten die Aristofraten den für das oranische Saus so trantenden Beschluß gefaßt, daß in Butunft die Statthalterschaft von dem Oberbefehl zu Land und Meer auf immer getrennt werden folle. Gine Allianz mit Ludwig XIV. gegen Spanien und je nach Umftanden auch gegen Holland konnte dem Inselreiche große Bortheile bringen. Ja felbst mit dem Hof von Madrid stand der wandelbare selbstfüchtige Stuart in Unterhandlungen. Er schien geneigt, fich babin zu wenden, wo man seinen Anschluß am reichlichsten lohnen wurde. Erft als Ludwig XIV.

welcher der Berbindung mit Holland nicht voreilig entsagen mochte, fich gurudbaltend benahm und Spanien auf die hohen Forderungen Rarls nicht eingeben wollte, erhielt Temple ben Auftrag, mit dem Rathspensionar einen Bertrag ab. 3an. 1669. jufdließen, traft beffen bie beiben Machte fich verpflichteten, auf ben von Lubwig XIV. felbst gestellten Bedingungen ben Frieden zu bewirken. follte die spanische Herrschaft in den Riederlanden aufrecht erhalten und Frantreich mit einigen Abtretungen entschädigt werben. Bon bem Plane einer Aufrechthaltung des uprenäischen Friedens ftand man ab. Aur für den Fall, daß ber Ronig nicht zu feiner Busage fteben und die Bedingungen nicht annehmen wurde, follte mit gemeinsamen Anstrengungen und im Bunde mit Spanien ber in jener Bacification geschaffene Buftand zurudgeführt werben. Damals mar gerade ber für London bestimmte schwedische Gesandte Graf Dobna im Bagg anwefend. Diefem theilte Gir Billiam Temple ben Bertrag mit und lud ihn jum Beitritt ein. Graf Dohna, der die Gesinnung des regierenden Reichsraths tannte und durch einen Artifel seiner Instructionen fich zu einem solchen Schritt ermächtigt glaubte, ging ohne Bedenken auf den Borfchlag ber beiben Staatsmanner ein. So entstand die Convention, die unter dem Namen der Triplealliang ober des Preistaatenbundnisses eine europäische Bedeutung erlangt hat, das erste Beispiel einer Bereinigung jur Erhaltung bes Friedens im Interesse ber allgemeinen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Rach ber hollandischen Berfaffung hatte ber Tractat den einzelnen Provinzialversammlungen zur Beftätigung vorgelegt merben follen. Um diese Bergogerung zu vermeiden, holte de Bitt nur die Genehmigung der gemeinsamen aus acht Rathen bestehenden Commission ein, Die wahrend bes Rrieges, um mehr Einheit und Energie in die Geschäftsführung au bringen, aus ben verschiedenen Provinzen eingesetzt worden war und gang von dem Rathpensionar abhing. Durch diese Uebereinkunft gewann de Bitt "eine der großartigften Stellungen, Die je ein republikanisches Oberhaupt in Europa eingenommen bat".

Es handelte fich nun barum, die beiben friegführenden Dachte, Die außer. Der Friede halb diefer Abmachungen ftanden, zur Annahme zu bewegen. Beide ichienen jur Fortsetzung des Rampfes bereit. Spanien schloß Frieden mit Portugal und erfannte die Unabhangigfeit des Nachbarlandes an, um feine gange Streitmacht gegen Frankreich kehren zu können, und Ludwig XIV. fandte im Februar den Bebr. 1665. Bringen von Condé und den Grafen von Boutteville-Luxemburg mit einem Beer in die Franche Comte, um diese Proving in Befit zu nehmen. Schon mar ber größte Theil bes Landes mit Besançon in ber Gewalt ber Franzosen, als Ludwig XIV. felbst bei dem Beer erschien und an der Eroberung von Dole Theil nahm. Unter diesen Umftanden mar es zweifelhaft, ob die pacificatorischen Abfichten ber brei Machte burchgeführt werden konnten. Schon fab fich ber fran- ${\mathfrak z}^{0}$  fice Rönig nach neuen Berbundeten in Italien und Deutschland um; Caftelrobrigo suchte im Saag um Gulfe nach. Endlich erhielten doch die Friedens.

Der verftedte Rrieg, den die englischen und hollandischen Sandelsgesell-Bolland und schaften, insbesondere die westindischen Compagnien mit einander führten, ging enblich in einen offenen über. Das Parlament felbst forderte ben König bazu auf und bewilligte zu den Bedürfniffen und Ausruftungen eine Belbfumme, wie fie noch niemals von dem Sause votirt worden mar. Die niederlandische Re-3an. 1865. gierung antwortete mit einem Einfuhrverbot englischer Fabricate. Balb folgte die Rriegserflarung von Seiten bes englischen Ronigs und fofort wurden auch die Reindseligteiten in ben enropaischen und ameritanischen Bemaffern eröffnet. In einem ichlachtenreichen Rrieg mit großen Thaten und Bechielfallen maßen nun abermals die um die Berrichaft des Meeres streitenden Rationen ihre Rrafte; Chrgefühl, Rationalftolz und Ruhmbegierde verbunden mit Eroberungeluft, Gewinnsucht und Sandeleintereffen trieben auf beiben Seiten zu fühnen Unternehmungen und muthigen Angriffen. Durch eine Art von Raturnothwendigkeit wurden die beiben Seemachte noch einmal in ben Rampf gezogen. "Es war wie eine Chrensache awischen zwei Fechtern, Die burch eine lange gurudgehaltene Feindseligfeit angefeuert find, und bon benen jeder der ftartere gu fein glaubt." Un der Spite der englischen Armada ftand der Bergog von Bort, Des Ronigs Bruder und Thronfolger als Großabmiral; ibm gur Seite ber gum Bergog von Albemarle erhobene Stuart'iche Parteiganger Mont und einige Seecapitane aus Cromwells Beit, wie Benn und Lawfon. Die niederlandische Alotte befehligte der Admiral Opdam-Baffenaar, ein hervorragendes Saupt der patrigifchen Partei; unter ihm die erprobten Seehelden de Rupter, Evertsen und der jungere Tromp. Buni 1665. Die Englander maren Unfangs im Bortheil : Auf der Bobe von Barwich murde bas Abmiralichiff, von deffen Berded berab Opdam die Schlacht leitete, burch den "Ropal Charles" des Bergogs von Vort in die Luft gesprengt; nur der Geschidlichkeit Tromps mar es zu banten, bag bie bollandische Flotte, wenn auch mit großen Berluften nach ber beimathlichen Rufte gerettet ward. Balb barauf tehrte de Rubter aus den afritanischen und westindischen Gewäffern nach bem Texel jurud und übernahm ben Oberbefehl. Er batte bort manches gludliche Gefecht bestanden und manches Berlorene gurudgewonnen : nur die Colonie Neu-Riederland in Rordamerica hatte der Beftindienfahrer Colmes für die englische 1664. Sandelsgesellichaft erobert und der Stadt Reu-Umsterdam ben Ramen Reu-Bort gegeben. Durch die Ankunft be Rupters und die energische Thatigleit de Bitts, ber felbft nach dem Texel geeilt war, wurden die Berlufte wieder ausgeglichen, Die Bemühungen ber oranischen Parteigenoffen, dem Pringen den Oberbefehl zu vericaffen, gurudgewiesen. Es gelang bem neuen Befehlshaber, Die oftinbifden August 1865. Schiffe, die mit einer Ladung von sechs Millionen Goldes auf weiten Umfahrten nach Europa gesegelt waren und bei Bergen in Norwegen vor Anter lagen, gludlich nach der Beimath zu führen, ohne daß die englische Motte unter Montaque Sandwich ibn baran zu bindern vermochte. Der banifche Ronia Friedrich III.

hatte fich mit dem englischen Admiral über die Theilung der Beute geeinigt; aber

der Commandant bes Blages tounte davon nicht zeitig genng benachrichtigt werben und war ben Sollandern behülflich. Der Ronig verbarg feinen Berbruf und erneuerte mit den Generalftaaten, die ibm einft das Reich gerettet, bas frühere Bundnis. Der Abnitial Sandwich, eines ber Banpier ber Reftauruftonebewegung, muste ben Oberbefehl über die Rlotte abgeben.

Als im Ottober bas Parlament wieder zusammentrut, biremal in Orford Bortführung weil in London die Best herrschte, stellte fich hermis, daß die Gubfibien, Die für Lubmige drei Jahre reichen follten, schon im erften erschöpft waren, werfiger berich ben mbei. Arieg felbst als burch Unterschleif und Berichwendung. "Die Schmeichler bes hofes hatten fich fonell bereichert, während die Matrofen durch hunger zwe Meulerei gebracht wurden, Die Schiffswerften ohne Schut, Die Schiffe led und ohne Lakelage waren." Es erhob fich daher die Frage, ob wan den Krieg weiter führen oder die von Ludwig XIV. angebotene Friedensvermittelung annehmen jolite. Der Rohakismus hatte zwar bereits von feiner Gluthige nachgelaffen; bennoch war ber has und Reit gegen ben Rivalon auf ber Gee und im Markt. betfehr noch wirkfam genng, zur Kortfehma bes Rrieges anzutreiben, felbft auf die Gefahr bin, bos Frantveich von der Bermittlevrolle gur einer aktiven Simmifchung übergeben follte. Die frangofifchen Borfchlage zur Ausgleichung ber offindifchen und afritanischen Streitobjette fcieren bent Barlamente gu ungunftig. Der Berdruß über die Einmischung trug zur Scharfung bes Rriegs. cifers bei. Selbst die Diffenters, die man im Berdacht geheimer Sumparbien für die calvinische Republik hatte, erfuhren die Anctivirkung des neuen kriegerischen Aufawungs. Es wurde ermabnt, daß Ludwig nicht allzustark für seine hollandichen Freunde Partei nahm; dennoch war feine Haltung diefen von Bortheil: er bewirkte, daß Danemart und Schweden eine der Republit günftige Reutralität beobachten und nothiger England seine Flotte zu theilen, um nicht unversebens und ungebeckt von Frankreich angegriffen zu werben. So tonnte es geschehen, baf bei ber Ermuerung bee Rrieges bie Engfander in ber großen Serfcblacht 11-15. Suni der vier Tage schließlich inr Nachtseil blieben, daß der Admiral Mont und Bring Ruprecht, der fich am britten Sag mit ihm vereinigt hatte, die Refte ber fehr be-Mädigten und verneinderten Rlotte die Themse binauffishren mußten. 23 engliche Schiffe waren verbrannt, versentt, weggeführt, die Bahl ber Sobien ward auf 6000, die ber Gefangenen auf 3000 Mann gerechnet; unter ben 2000 Tabten der Pollander war ber tapfere Abmiral Cornelins Evertfen. Seine Stelle nachm fein Bruber Johann ein; auch er wolle, erklärte er ben Staaten; gfeich feinem Bater, seinen vier Beubern und einem seiner Sohne auf bem Felde ber Chre für fein Baterland fallen. Sein Bille follte bald erfillt werben. In feche Wochen hatten die Englander ihre Flotte wieder in folden Stand gebracht, daß fie fich wit dem Teinde in eine neue Schlacht einlaffen tomnten. Diesmal blieben fie imi4. Mug. Bortheil; ber alte Evertsen verlor sein Leben; Tromp und be Rupter entzweiten ich; diefer beschuldigte den erfteren, er habe durch voreilige Berfolgung einiger

feindlichen Schiffe das Unglud verschuldet; Tromp, als Anhanger der oranischen Kaction bei der berrschenden Aristocratie migliebig, wurde von de Bitt seines Umtes entfest.

Die Themfe

Der Rathspenfionar beschuldigte die Oranier, daß fie die Regierung durch fahrt und bet Briebe von Intriquen mit England jum Frieden zwingen wollten; er verfolgte fie baber mit ber rudfichtslofen Energie eines republitanischen Barteihauptes; be Buat, ein früherer Ebelknabe des Prinzen mußte mit dem Leben büßen. Es war ein wunderbarer Mann, diefer Johann be Bitt; Richts vermochte ibn von feinen Entrourfen abzubringen. Mit berfelben Energie, wie er die Feinde niederwarf, verwaltete er die Angelegenheiten des Staats. Bum brittenmal konnte eine neue große Flotte unter dem Oberbefehl de Rugters und feines eigenen Bruders Cornelius de Bitt in See flechen; jugleich brachte er Frankreich und die beiden flandinavischen Staaten babin, daß fie entschiedener für die Republik eintraten. Dadurch fah fich Rarl II. bewogen, auf Frieden ju benten. Schon waren die Bevollmächtigten ber friegführenden und vermittelnden Staaten in Breda zu bem Friedenscongreß versammelt, als Johann de Bitt, da fich die Berhandlungen hinauszogen und mittlerweile ber Rriegszustand fortbauerte, einen tubnen Entschluß faßte. Der Ronig von England follte gum Frieden gezwungen werden, ebe er Beit batte, mit Frankreich bas bereits eingeleitete Bundnig abzuschließen. Bu dem Bwed mußte der Admiral de Ruyter, ben der Ruwaard Cornelius de Bitt als Commiffar ber Stände begleitete, einen biretten Angriff auf bas Inselreich machen. In die Themfe einfahrend gersprengten fie die oberhalb Sheernes über den Strom

Suni 1667. gezogene Rette, nahmen oder verbrannten bei Chatam fünf große Rriegeschiffe, barunter den Royal Charles, auf bent einft ber Ronig gurudgefehrt mar, bernichteten weiter aufwarts bei Rochester drei große Schiffe und mehrere tleine Sabre. zeuge und tehrten bann nach Margate und Rorth Foreland gurud, Die Munbung des Fluffes mit einer Blotade bedrobend. In London, wo man fich noch

nicht von der gewaltigen Feuersbrunft erholt hatte, lebte man in großer Be-81. Juli forgniß. De Bitt erreichte seinen Zwed. England willigte in den Frieden von Breda, in welchem die Navigationsafte gu Gunften Sollands gemildert und die Bestimmung getroffen ward, daß jeder Theil im Besit ber Lander und Ort-Schaften, fo wie der Schiffe und Guter bleiben follte, die er bor und in dem letten Ariege an fich gebracht habe. Damit war auch die Berbindung von Reu-Riederland (New-Bort) mit ben übrigen englischen Besitzungen in Rordamerica ausgesprochen. So war benn in dem Augenblid, ba fich in ben spanischen Riederlanden wichtige Ereigniffe vorbereiteten, ber Friede zwischen England und ben Generalstaaten außerlich bergestellt; allein die maritime Gifersucht ber Englander, Die eigentliche Quelle der Feindseligkeiten, war durch die Themsefahrt noch ge-

icharft worden. "Ginen Angriff, ber die Sicherheit von London gefahrbete, tonnte weder die Regierung noch felbst die Ration ben Sollandern vergeben."

# II. Frantreid, die fpan. Riederlande u. die Generalftaaten. 373

### 2. Der franzöfisch-spanische Krieg und der Dreiftaatenbund.

In Frankreich war die dienstbefliffene Rechtsgelehrsamkeit den Bunfchen Thronbes Konige ju Bulfe getommen : juriftifche Debuctionen hatten barguthun gefucht, Spanien. daß der koniglichen Gemablin, als der alteren Schwester ein naberes Recht auf Staatstunft. die Erbfolge in den Riederlanden guftebe, als dem jungeren Bruder. Benn es gelang, ben Ronig und ben Staatsrath von Mabrid von ber Richtigkeit Diefer Auffaffung zu überzeugen, fo fonnten die fpanisch-niederlandischen Provinzen ohne Schwertstreich fur Frankreich gewonnen werben. Die beiden Roniginnen, bie Schwester und die Tochter Philipps IV. follten in Madrid in diesem Sinne wirfen. Aber ebe noch ber Borfchlag an ben spanischen Monarchen gelangen tonnte, fchied diefer aus der Belt. Ueber feinen unmundigen Sohn Rarl II. 17. Sept. führte die Königin-Mutter, Maria Anna, Tochter des Raisers Ferdinand III. Die vormundschaftliche Regierung. Un Diese richtete nun Die Schwägerin Unna von Defterreich bas Ersuchen, jur Erhaltung bes Friedens zwischen beiben Rachbarreichen in die Abtretung zu willigen. Maria Unna aber erwieberte: "durch die teftamentarische Anordnung ihres verstorbenen Gemable sei sie verpflichtet, die Provingen der Monarchie ungeschmälert beisammen zu halten, nicht ein Dorf tonne und werbe fie abtreten". Dies war die Meinung ber gangen Ration; felbft in ben Riederlanden wurde bem unmundigen Ronig unberguglich der Treueid geleistet. Unter biefen Borgangen ichied auch Anna von Desterreich aus der Belt, die, wie fehr fie fich immer als frangofische Konigin gefühlt, boch 3an. 1866. ftete bemuht gewesen mar, die Union amischen beiden Reichen au erhalten. Sest war Ludwig XIV. von allen Rudfichten entbunden und beschloß, sein langft gebegtes Borbaben auszuführen. Roch maren zwei Rriege im Gange: ber englijch-hollandische und der portugiefisch-spanische. Rarl II. von England war in beide verflochten. Mit machiavelliftischer Staatstunft bot nunmehr Ludwig XIV. allen friegführenden Theilen seine vermittelnden Dienste an: bei bem fpanischen Bofe, wo die religiöfen Interessen besonders ins Gewicht fielen, betonte er den tatholifden Charafter Frankreichs, fuchte aber zugleich ben portugiefischen Fürften jum Ausharren zu bestimmen und brachte die Bermählung Affonso's mit der Tochter bes Bergogs bon Remours ju Stanbe (S. 305.); mit den Generalstaaten und ihrem Saupte Johann be Bitt beftand ja noch ohnehin die Bundesgenoffenschaft vom 3. 1662; bem englischen Ronig ftellte er ein freundschaftliches ober neutrales Berhalten mahrend bes Rrieges in Aussicht, wenn berfelbe ben Unternehmungen Frankreichs teine hinderniffe in den Beg legen murbe. Die Berhandlungen gingen durch die Sand der Mutter des Königs, Senriette von England, die damals in Chaillot wohnte, und blieben ein vollständiges Geheimnis. Die deutschen Fürsten am Rhein brachte er durch Ginzelvertrage zu bem Bersprechen, daß fie den kaiferlichen Truppen, falls fie den Flanderern zu Gulfe gieben wollten, den Uebergang über ben Strom wehren murden. Schon bei

biefer Gelegenheit leistete ihm Wilhelm von Fürstenberg, geheimer Rath bes Aurfürsten von Köln wesentliche Dienste. Er wie seine beiben Brüder, Franz Bischof von Strafburg und hermann, Oberhofmeister bes Aurfürsten von Bayern handelten ganz im französischen Interesse.

Debeimer Ja noch mit viel weitergebenden Allianzgedanken trug fich ber Ronig in bem awifden jugendlichen Aufschwung feines herrichergeistes, mit Planen, die man für abenteuerlich Frankrich halten möchte, waren fie nicht in der Folge in anderer Form bennoch zur Birklichkeit Raifer, geworden. Die archivalifche Geschichtsforschung späterer Jahre hat Beweisstude zu Tage gefördert, aus benen hervorgeht, daß um biefe Beit zwischen Paris und Wien ein Theilungsvertrag über die spauische Mongrebie verahredet ward für den Hall, daß der junge Lonig, an deffen Lebensfabigfeit man vielfach zweifelte, ohne Leibeserben aus ber Belt geben follte. Buerft forfcte ber Rolnifche gurftenberg in Bien, wie man eine solche Cröffnung aufnehmen wurde; die Fürsten Auersperg und Lobkowis, die einflußreichsten Minister waren bem Gedanken nicht abgeneigt: jener hoffte dabei burch Ludwigs Berwendung den Cardinalshut zu erlangen, den letzteren lockte die Ausficht auf frangofifches Geld. Die Sache wurde jedoch nicht geheim genug gehalten; der spanische Gesandte bellagte fich über ein fo treuloses und ungerechtes Borhaben, und Marz 1867. der Raifer wollte nichts davon wiffen. Gin halbes Jahr später, als ber Feldzug gegen die Riederlande icon im Sange mar, tauchte ber Borfdlag bon Reuem auf. In ber 31. Decbr. Renjahrenacht folich fich ber frangoffiche Gefandte, Ritter von Gremonville, in einen bichten Mantel gehüllt zu bem Fürsten bon Auersperg und sehte ihm in vertraulichen Gesprachen auseinander, wie zwedmäßig es ware, wem die zwei mit den beiben Infantinnen verheiratheten Berricher über eine Theilung bes spanischen Reiches für den Fall des kinderlosen Ablebens des dermaligen Ronigs fich rechtzeitig verftandigten. Dadurch wurden alle anderweitigen Anspruche und Ginreden, die etwa erhoben werben möchten, im Reime niebergefclagen werben. Much bie gemeinschaftlichen relis gibfen Sutereffen wurden betont; wenn bie zwei größten tatholifchen Machte burch einen Freundschaftsbund vereinigt maren, mit welchem Rachbrud tonnte man bann ben teherischen Regierungen und Böldern begegnen! Kaifer Leopold ging auf die Borschläge 19. Jan ein: am 19. Januar murbe ein Freundschafts- und Alliangbertzag unterzeichnet, in welchem eine Theilung ber spanischen Monarcie zwischen ben beiden verwandten Sofen in Ausficht genommen war. Dem Raifer follten bie Sauptlander gufallen : Spanien felbft, Die Staaten in America, auch Mailand und Sarbinien; bagegen follte Ronig Leidmig Befig ergreifen bon den fpanischen Riederlanden, ber Franche-Comit, bem Königreich Reapel und Sieilien und Navarra, dem Stammlande seiner Ahnen: selbst die Philippinen und die afritanischen Ruftenorte follten ju feinem Antheil gehoren, benn zu der weltbeberrichenden Großmacht, ju welcher er Frantreich ju erheben gedachte, waren auch auswärtige Befigungen, war auch eine imponirende Marine nothwendig. Diefer eventuelle Theilungsvertrag, ber ohne Rudficht auf die Boller und ihre Rechte im Sinne des barteften Absolutismus über bas Schidfal ganger Reiche wie über einen Privatbefit verfügte, blieb dem übrigen Guropa ein vollständiges Geheimnis. Selbst Rarl II. hat nie davon Runde erhalten. Die Grundbedingung, der baldige Tod des spanischen Ronigs ging nicht in Erfullung, und ber Bang ber Ereigniffe führte ju andern Befoluffen und Coalitionen. Die Anficht, Die mabre Bolitit Defterreichs muffe

babin trachten, bas die Reiche ber beiden Gabsburger Linien wieder vereinigt wurden, gewann in Wien die Oberhand. Selbst Auersperg, verstimmt, das ihm der versprochene Kardinalshut dach nicht zu Theil ward, gab ben Theilungsplan auf. Aber die Suc-

11. Frantreich, die fpan. Rieberlande u. die Generalstaaten. 375

cessionsrechte, die Ludwig durch seine Semahlin erlangt zu haben glaubte, verschwanden nicht aus seinem Seiste.

Durch folde Runfte und Unterhandlungen gelang es dem frangöfischen Ronig Ginfall in Blanbern. die Riederlande au isoliren. Spanien durch tauschende Borfpiegelungen von Frieden und Bermittelung in Sicherheit zu wiegen und die eigenen Ruftungen ju verbollftandigen, ohne Berbacht zu erregen. In Amiens sammelte fich unter Turenne die Hauptarmee; ju diefer begab fich im Mai der Ronig felbft, "um Rat 1667. unter biefem Meister bas Rriegsbandwert zu lernen". Der Ronigin-Regentin in Radrid batte er gubor ein Schreiben mit ber Darlegung feiner Anspruche auf Brabant und die übrigen niederlandischen Propinzen einreichen und die Erflarung abgeben laffen, bag er genothigt fei, bas Recht, bas man ibm verweigere, mit ben Baffen fich zu verschaffen. Gine Gegenschrift, welche von bem taiferlichen Gefandten in London, Francesco bell' Ifola, "ber ben Rugen bes Baufes Defterreich mit allen Rraften fuchte", unter bem Litel "Schild von Staat und Recht" bekannt gemacht murbe und die Ungerechtigteit der Anspruche und das perfide Borgeben bes frangofischen Bofes in feiner gangen Gefährlichkeit barftellte, bermochte ben Gang ber Greigniffe nicht aufzuhalten. In ben letten Tagen bes Dai rudte bas heer gegen bie Los bor, am 2. Juni 20g Turenne in Charleroi ein. Der Ronig 2. Juni 1667. ware gerne fogleich nach Brabant, in bas Berg bes Landes vorgedrungen; allein der Maricall hielt zurnich, er wollte feine noch junge Infanterie nicht fogleich auf einen Ariensichauplat ftellen, wo vorausfichtlich ber größte Biberftand au erwarten war. Er eroberte Cournay, Douay, Dudenarde und fchritt bann, nach- Juni und dem er die andern Truppenabtheilungen unter d'Aumont und Crequi, der an der Mofel aufgestellt mar, an fich gezogen, jur Belagerung von Lille. Diefe Beit hatte der Souverneur der Riederlande, Marquis von Caftelrodrigo benutt, um die Sauptfeftungen in guten Bertheibigungezuffand an feben und die unhaltbaren niederzureigen. Das tonigliche Geer fand baber überall ftarten Biberftand : Lille tounte erft nach langerer Belagerung bei einem britten Sturm erobert wer. 29. Mug. ben. Graf Marfin, ein alter Anhanger Coude's, ber im fpanischen Beer biente, bat fic bei biefem Bertheibiaungefrieg gegen feine Landsleute befonders berborgethan; doch erlitt er auf bem Rudjug bei Brugge eine Rieberlage. Als die Bitterung ungunftig zu werden anfing, tehrte Sudmig zu ben hoffesten nach Berfailles gurud und die Marichalle bezogen die Winterquartiere.

Dieses seinem Huttreten Frankreichs gegen eine befreundete Macht, ein Ludig bes wie aus einem hinterhalt unternommener Ueberfall erregte in ganz Europa das grenzt seine wie aus einem hinterhalt unternommener Ueberfall erregte in ganz Europa das grobe größte Aufsehn: es war der Anfang einer Eroberungspolitik, die aus der Schwäche und Uneinigkeit der Rachbarn Bortheil zu ziehen suchte; einer Politik der Selbst- such und Gewalt, deren Grenzen nicht abzusehen waren. Die Engländer und Hollander eilten daher, durch den Abschluß des Friedens von Breda Beit zu weiteren Eutschlüssen zu erlangen; in Madrid konnte man die Bestürzung und Entrüstung kaum verbergen. Selbst in Wien war man betroffen über das eigen-

machtige Borgeben. Ronig Ludwig hielt es für angemeffen, die öffentliche Deinung burch genauere Begrengung feiner Anspruche gu beruhigen. Benn ibm Spanien die Franche-Comté, Lugemburg, Cambray und einige niederlandische Grenaplage abtrete, erklarte er, wolle er die seiner Gemablin burch den Tod ihres Baters zugefallenen Rechte aufgeben.

Bang befonders fühlte de Bitt patriotische Beklemmungen. rifde Isa feinen Berbindungen mit Frankreich weiter gegangen, als die Generalftande tigteit. gebilligt hatten. Jest erschien er als Mitschuldiger an dem frangofischen Ueber-Und konnte die hollandische Republik ruhig zusehen, daß anftatt ber schwachen spanischen Regierung ein eroberungsfüchtiger Großtaat die flandrischen und brabantischen Provinzen in seine Gewalt bringe? Richt einmal die acfammte patrizische Faction, die das Regiment führte, war mit de Bitts Politik einverftanden, viel weniger die Oranier, welche Frankreich haßten. Der Rathevensionar ertannte das Gefährliche seiner Lage und war daber seit dem Frieden mit England bedacht, dem weiteren Borgeben des mächtigen Rachbars Einhalt zu thun. tonnte fich nicht entschließen, mit Spanien in ein Bundniß einzutreten, wie gunftige Bedingungen auch immer ber Generalgouverneur in Bruffel für eine Unterftutung an Geld und Bulfstruppen anbot. Dagegen glaubte er im allseitigen Intereffe ju handeln, wenn er einen Ausgleich ju Stande brachte. Dies tonne gefcheben, wenn die beiben Seemachte, die noch bor Rurgem die Baffen gegen einander getragen, sich die Sande zur Durchführung pacificatorischer Absichten reichten. Und da fand er einen gleichgefinnten Forderer feiner Blane in einem Staatsmann, beffen Fahigteiten und Anfichten er auf bem Friedenscongreß in Breda tennen gelernt hatte. Es war Sir Billiam Temple, englischer Resident in Bruffel. Auf einer perfonlichen Busammentunft im Baag tauschten beibe ihre Gebanten aus. Spanien follte jur Abtretung ber bon Frantreich gemachten Eroberungen gebracht werden oder fich zu einem Erfat verfteben. Auf Grund Dieser "Alternative" sollte der Friede hergestellt werden. Es war keine leichte Sache, das zwischen England und Holland obschwebende Migtrauen zu verscheuchen. In London traute man bem Rathspensionar die Absicht zu, die belgischen Brovingen mit Frankreich zu theilen; im Baag und in Amfterdam tannte man die Sympathien Rarls II. für den hof in Berfailles. Und in der That neigte ber Ronig mehr zu einem Bundniß mit Frankreich als mit ber Republit. Gegen diese hatte er seine Abneigung noch keineswegs verwunden; und gerade damals hatten die Aristofraten den für das oranische Saus so trantenden Beschluß gefaßt, daß in Butunft die Statthalterschaft von dem Oberbefehl zu Land und Meer auf immer getrennt werden folle. Gine Alliang mit Ludwig XIV. gegen Spanien und je nach Umftanden auch gegen Holland konnte bein Inselreiche große Bortheile bringen. Ja felbst mit dem Sof von Madrid stand der mandelbare felbstfüchtige Stuart in Unterhandlungen. Er schien geneigt, fich dabin zu wenden, wo man seinen Anschluß am reichlichsten lohnen wurde. Erst als Ludwig XIV.

welcher ber Berbindung mit Holland nicht voreilig entfagen mochte, fich gurud. haltend benahm und Spanien auf die hoben Forderungen Rarle nicht eingeben wollte, erhielt Temple ben Auftrag, mit bem Rathspenfionar einen Bertrag ab. 3an. 1669. juschließen, fraft beffen die beiden Machte fich verpflichteten, auf den von Ludwig XIV. felbst gestellten Bedingungen den Frieden zu bewirken. follte die spanische Berrichaft in ben Riederlanden aufrecht erhalten und Frantreich mit einigen Abtretungen entschäbigt werden. Bon bem Plane einer Aufrechthaltung des pprenaischen Friedens ftand man ab. Rur für den Fall, daß ber Ronig nicht zu feiner Busage fteben und die Bedingungen nicht annehmen wurde, follte mit gemeinsamen Anftrengungen und im Bunde mit Spanien ber in jener Bacification geschaffene Buftand gurudgeführt werben. Damals mar gerade ber für London bestimmte ichwebische Gesandte Graf Dohna im Saag anwesend. Diesem theilte Gir Billiam Temple ben Bertrag mit und lud ihn jum Beitritt ein. Graf Dohna, der die Gefinnung des regierenden Reichsraths fannte und durch einen Artifel seiner Inftructionen fich ju einem folchen Schritt ermächtigt glaubte, ging ohne Bedenten auf den Borichlag der beiden Staatsmanner ein. So entstand die Convention, die unter dem Namen der Triplealliang oder des Dreiftaatenbundniffes eine europäische Bedeutung erlangt hat, das erste Beispiel einer Bereinigung zur Erhaltung bes Friedens im Intereffe ber allgemeinen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Rach ber hollandischen Berfaffung batte ber Tractat ben einzelnen Brovinzialberfammlungen zur Beftätigung vorgelegt merden follen. Um diefe Bergogerung ju vermeiden, holte be Bitt nur die Genehmigung der gemeinsamen aus acht Rathen bestehenden Commission ein, die wahrend bes Rrieges, um mehr Einheit und Energie in die Geschaftsführung au bringen, aus ben verschiedenen Provingen eingesett worden war und gang von dem Rathpenfionar abhing. Durch diese Uebereintunft gewann be Bitt "eine der großartigften Stellungen, die je ein republikanisches Oberhaupt in Guropa eingenommen hate.

Es handelte fich nun darum, die beiden friegführenden Machte, die außer. Der Friche balb diefer Abmachungen ftanden, gur Annahme zu bewegen. Beibe fchienen jur Fortsetzung des Rampfes bereit. Spanien ichloß Frieden mit Portugal und erfannte die Unabhangigkeit des Rachbarlandes an, um feine gange Streitmacht gegen Frankreich tehren zu können, und Ludwig XIV. fandte im Februar den Bebr. 1668. Bringen bon Condé und den Grafen bon Bouttebille-Lugemburg mit einem Beer in die Franche Comté, um diese Proving in Befit au nehmen. Schon mar der größte Theil bes Landes mit Befancon in ber Gewalt ber Frangofen, als Lubwig XIV. selbst bei dem Geer erschien und an der Eroberung von Dole Theil nahm. Unter diesen Umftanden mar es zweifelhaft, ob die pacificatorischen Abfichten der drei Machte durchgeführt werden könnten. Schon fab fich der frangöfische König nach neuen Berbundeten in Italien und Deutschland um; Caftelrobrigo fuchte im Saag um Sulfe nach. Endlich erhielten boch die Friedens.

gedanken bas Uebergetvicht : bem Statthalter in Bruffel wurde geantwortet, daß er nur auf Bulfe rechnen tonne, wenn Spanien barauf eingebe, entweder Die Franche Comité ober die von ben Frangofen eroberten Stadte und Gebiete an der nieberlandischen Sudgrenze abzutreten; in Baris maren bie meiften Minifter bem Frieden geneigt. Bei einer langeren Dauer bes Rrieges mußten fie befürchten von Turenne und Conde überflügelt zu werben. Sie führten bem Ronig ju Gemuthe, bag in ben Bedingungen der Berbundeten die Sauptfrage von der Bultigfeit der Renunciationsatte nicht berührt fei, fomit für fünftige Erneuerung ber Ansprüche bas Weld offen ftebe. Che ber Monarch fich in einen weitaus. sehenden Beltkrieg einlaffe, sei es zweckmäßig, zubor die innere Lage des Reichs noch mehr au befestigen, die Kinana- und Steuerberhaltniffe mehr au confolibiren. Er felbst habe ja erklart, daß er fich mit einigen Abtretungen aufrieden geben wolle. Burbe er nun, wenn er seinem Manifeste zuwider handelte, nicht ben Schein ber Unguverlässigfeit und Eroberungsgier auf fich laben? So wurden April 1668. benn in St. Germain zwischen ben Bevollmächtigten von Solland und England einerseits und frangofischen Ministern andererseits bie Praliminarien vereinbart, auf Grund beren ber Machener Frieden abgeschloffen ward, nachdem man Spanien durch drobende Mahnungen zur Annahme gebracht. Rraft dieses auf bem Con-2. Mai 1668. greß von Nachen abgeschloffenen Friedens blieb Frantreich in Befit von Flandern mit ben eroberten Stadten Charleroi, Douay, Cournay, Courtray, Lille und Dudenarde; bagegen wurde bie Freigraffchaft an Spanien zurudgegeben. Ludwig XIV. tonnte mit bem Erfolg feines erften Baffenganges aufrieden fein. Baren auch seine Forderungen nicht in ihrem ganzen Umfang gewährt worden. fo waren dafür auch die Ansprüche seiner Gemahlin auf die spanische Erbfolge unerschüttert geblieben. Und wie bald konnten bei der schwächlichen Constitution bes jungen Königs in Mabrid unvorhergesehene Eventualitäten eintreten! Die erworbenen flandrifden Stabte aber erhielten baburch noch eine besondere Bid. tigfeit, daß Ludwig XIV. Dieselben durch Bauban, das größte Fortificatione, genie ber Beit, in unüberwindliche Festungen umschaffen ließ und damit die Rordgrenze bon Frankreich burch einen armirten Gurtel foutte.

#### 3. Endwigs Kriegspolitik gegen holland.

Das hollans Die Aachener Pacification war das Werk des Großpensionars Jan de Witt. dische Ges meinwer Bein Bunder, daß sein Stolz und Selbstgefühl wuchs und er in der hollaudischen unter 300 Staatenversammlung eine dietatorische Autorität erlangte. Sein eifrigstes Bewilden war nun darauf gerichtet, die republikanisch aristokratische Verfassung immer mehr auszubilden und zu beselftigen, die Zwitterstellung zwischen Monarchie und Republik, welche die Generalstaaten seit der Utrechter Union einnahmen, zu vernichten, ein söderatives Gemeinwesen unter der Hegemonie der Provinz Holland für alle Zukunst zu sichern. Wilhelm von Oranien war stets der Gegen-

ftand feines Mistrauens und feiner Befürchtung. Je mehr ber Bring, ber jest in sein achtzehntes Jahr, in bas Alter ber Mündigkeit eingetreten war, sich ber Berwendung und Fürsprache feiner beiben Obeime, bes Königs von England und des Kurfürsten von Brandenburg erfreute, je mehr in Seeland, in Friesland, in andern Provinzen die Bollsgunft auf dem jungen Fürften rufte, ber an natürlichen Anlagen wie an Bilbung und Kenntniffen fich ganz seiner erlauch. ten Ahnen wurdig zeigte; befte eifriger mar ber Rathspenfionarius bemubt, bemselben ben Weg zu ben boben Meintern zu verfchließen. Bei ben Bochmögenben Berren von Bolland batte er, wie erwähnt, icon wahrend bes frangofifch. spanischen Krieges ben Beschluß durchgesett, daß die Statthalterschaft von der Burbe eines Oberbefehlshabers (General-Rapitan) getrennt werbe. Jest gab er fich alle Mube, auch bie übrigen Brobingen ber Union gur Annahme biefes Beichluffes an bewogen. Durch fein Unfeben und feine ftaatsmannische Gewandtheit brachte er es auch wirklich babin, daß fammtliche vereinigte Staaten durch die Sarmoniealte" ihre Buftimmung zu bem Ewigen Chilt" gaben, wodurch die beiben hohen Memter auf immer getrennt fein follten und nur mit diefer Beidrankung die Statthalterwürde wieder ins Leben treten durfe. So schien bas Ariftotratenregiment für alle Beiten gesichert. Aus bem Rirchengebet verschwand der Rame bes Stattbalters: felbit die Burbe bes erften Eblen von Seeland. welche die Prinzen von Dranien befagen, wurde abgeschafft; die arminianischen Brediger, an ihrer Spipe Coccejus, Professor ber Theologie in Leyben, wirkten für die heerschende Oligarchie; mehr und mehr nahm die Rieberlandische Union bie Gestalt eines republitanischen Gemeinwesens an. Die Landmacht murbe bermindert, bamit tein oberfter Rriegsherr in bie Bobe tommen tonne; alle Aufmertfamteit wandte fich ber Marine qu. In ben Safen lagen schwerarmirte Rriegsichiffe; in allen Meeren fuhren Rauffahrer und Fifcherfahrzeuge; auf ben Berften von Solland wurden Schiffe für alle Bolter gebaut. De Witt wollte ber Republit bie Seeherricaft erringen, fie jum Mittelpuntt bes Belthandels erheben, die hollandischen Stadte zum Sig des Reichthums, zum Martt der Rationen maden. Rein Staat batte folden Credit in ber Kinanzwelt wie Selland.

Die Macht bes hollandischen Staatsmannes wurde jedoch durch die biplo- Frankreiche matischen Intriguen und die zersetzende Politik des französischen Hofes in ihren Ciferingt auf Solland. Grundfesten untergraben. Er galt als ber Schöpfer ber Triple-Alliang, Die es gewagt hatte, ben Siegeslauf bes großen Ronigs ju hemmen; biefes bermeffene Unternehmen eines Mannes, an beffen Ergebenheit man in Paris geglaubt batte, verzieh Budwig niemals. Sein ganzes Trachten war forthin barauf gerichtet, an der Republit und an ihrem Saupte Rache zu nehmen. Bu bem perfonlichen Groll gefellten fich politische und religiose Motive, um die Berbitterung au fleigern. Dit Giferfucht icaute bas monarchische und tatholische Frantreich, wo bie gange öffentliche Gewalt in den Sanden eines Einzigen vereinigt war, auf das pro-

testantische republikanische Gemeinwesen, in welchem eine Anzahl aristokratischer Manner unter ber Leitung eines eigenmächtigen bictatorischen Patrigiers Allcs abauschaffen bemubt mar, mas noch aus alten Beiten an die Monarchie erinnerte, wo Allen, die aus politischen und religiösen Grunden in Frankreich verfolgt oder bedrängt wurden, eine Freiftatte gewährt ward zu literarifcher Thatigfeit und eine freie Preffe für ihre tuhne Polemit. Der stolze Freistaat, wo unter bem Schute der Gesetze und der öffentlichen Inftitutionen die reformirten Doctrinen fortlebten, die Biffenschaft, die Forschung und Kritit fich frei bewegten, eine philo: sophische Speculation ihre Schwingen entfaltete und ben Autoritäteglauben, ben ber frangofische Clerus mit so unduldsamer Strenge zu begründen suchte, anfocht und erschütterte, erschien bem Ronig und feinen gereigten Staatsrathen wie ein feindlicher Begenfat gegen bas monarchische und tatholische Frankreich, wie eine Berhöhnung der Richtungen und Anschauungen, die bort mehr und mehr bie Berrichaft erlangten, als die allein mabren befannt werden follten. Ebre und Ueberzeugung forderten die Bertrummerung eines Gemeinwefens, bas fo berhaßten Beftrebungen Leben und Entfaltung gab, wo die religiöfe und politische Opposition ihr Baffenfelb hatte, die antimonarchische Dentweise wie eine brobende Demonstration gegen die Rachbarstaaten fich frei und ungebemmt aukern durfte. Der Staatsrath hatte nach bem Nachener Frieden eine Schaumunge pragen laffen, wie die niederlandische Republit, ben Freiheitshut auf einem Speere führend und auf eine Trophae geftütt, die Retten gerriß. In Frankreich wollte man von einer andern Dentmunge Runde haben, auf welcher ber hollandifche Staatsmann als Josua bargestellt war, wie er ber Sonne, bem Sinnbilde bes Ronigs Stillftand gebot. Die Boflinge und Die Rriegspartei in Frankreich ichurten das glimmende Reuer: felbft Colbert, der früher fo fehr für den Frieden gesprochen, ging jest auf die friegerische Stromung in den tonangebenden Rreifen ein, um nicht von Louvois überflügelt ju werben, ber, wie er mit Reid und Aerger mahrnahm, immer mehr die Gunft und bas Bertrauen bes Ronigs ge-Die Staatsmanner machten geltenb, welcher Buwachs an Rraft fur Frankreich entstehen wurde, wenn es gelange, die reiche Republik mit ihrer Secmacht, ihren Colonien, ihrem Sandel bem frangofischen Scepter zu unterwerfen ober doch in ein Schutverhaltniß ju zwingen. Burben bann nicht die fpanifchen Riederlande von felbst dem frangofischen Reiche aufallen? und wer wollte ben großen Ludwig hindern, den Rhein jur Grenze feiner Berricaft ju machen? Satte doch die frangofische Politit auf beiden Ufern des Stromes icon fo manche Faben angeknüpft! Bir wiffen ja wie eifrig die drei Brüder Fürstenberg, die "Egonisten" im Dienste Frankreichs wirtten. Schon aus Latholischem Religionseifer forderten diese entarteten beutschen Fürstensohne die Machterhobung des großen Ludwig, des Schirmberen des Glaubens und ber Rirche.

Muswartige Bie bei bem ersten Krieg ging man auch biesmal wieber in Paris mit großer Vorsicht zu Berke; die Minen wurden in weitem Umfang und mit sester

# II. Frantreich, die fpan. Riederlande u. die Generalftaaten. 381

Sand gelegt. Durch außere Freundlichfeit und Bubortommenbeit gegen be Bitt und ben hollandischen Staaterath suchte man alles Mistrauen au verscheuchen: der gewandte Diplomat Pomponne, bem Ludwig ben Gefandtichaftspoften im Saag übertrug, wurde nicht mude, den Rathspenfionar ber wohlwollenden Gefinnung feines Herrn zu verfichern und des alten Bundesverhaltniffes zu gebenten. Bugleich fuchte berfelbe aber ben Dreiftaatenbund zu sprengen, burch welchen die Republit im Frieden von Nachen ihre ichiederichterliche Autorität errungen hatte. Roch im Mai 1669 war Spanien nach längerer Beigerung vermocht worben, Mai 1669. an Schweden die Subfidien ju gablen, welche die Berbundeten bemfelben als Breis seines Beitritts zugefichert hatten; be Bitt konnte also glauben, daß das Bundniß ber brei Machte auf langere Beit fortbesteben werbe. Und boch war bereits ein machtiger Reil eingetrieben. Die felbstfüchtige Ariftocratie in Stod. holm, die mahrend Rarls XI. Minderjährigkeit bas Regiment führte, wiberftand nicht lange ben Lodungen, die ihr Frankreich barbot. Als Pomponne vom Baag nach Stocholm verfest mard, um bort seine diplomatische Runft zu entfalten, meldete ihm der frangofifch gefinnte Reichstangler Magnus be la Gardie mit freudestrahlenden Augen, daß es ihm gelungen fei, den Reichsrath zu be- Rob. 1671. wegen, die alte Allianz mit Frankreich zu erneuern. Die ansehnlichen Bulfsgelber, die man in Baris in Ausficht ftellte, verfehlten nicht ihre Birtung auf die habgierigen Seelen ber Großen. Auch verlangte man bor ber Band feine thatfach. liche Mitwirtung. Schweden follte fich nur jeder Ginmifchung und Gulfeleiftung enthalten, wenn der Ronig von Frankreich die Republit mit Rrieg übergiebe, und falls man etwa von Deutschland ans ben Generalftaaten bewaffneten Beiftanb gewähren wurde, ben Bugug von Truppen verhindern. Der geheime Theilungsvertrag mit bem Raifer, die frangofischen Sympathien des von Ludwig durch Sahrgelder gewonnenen öfterreichischen Miniftere Lobtowit, die Berbindungen und Intriquen, welche man von Berfailles aus mit ben meiften beutschen Fürftenbofen angeknüpft harte, und die Thatigkeit vaterlandelofer Satelliten an fo vielen Orten. bas Alles ließ fein energisches Gingreifen von Seiten bes Reichs befürchten. Budem war Raifer Leopold, beffen Blide nur auf bas Rachftliegende gerichtet waren, ju febr mit ben Angelegenheiten in Ungarn beschäftigt, als bag er ben friegerischen Unternehmungen des Schwagers in Beften Ginhalt batte gebieten follen. Der fluge Befandte Gremonville und feine ertauften Parteiganger mußten ben beichrantten Raifer zu ber Ueberzeugung zu bringen, bag bie Ehre und bas Intereffe des Habsburger Saufes ihm gebiete, auf die Seite Frankreichs gegen die abtrunnigen Riederlande zu treten; ober follte er etwa für ein teberifches Bolf gegen ben Schirmberen ber fatholifden Rirche ins Welb gieben? Es fiel bem gewandten Diplomaten nicht gar ichwer, ben Raifer zu bem Berfprechen zu bewegen, baß er fich in einen Rrieg, ju bem fich ber Ronig von Frankreich gegen Solland veranlaßt finden follte, nicht einmischen werde. Und was war von dem zwieträchtigen in fleinlichen Streithanbeln und eiferfüchtigen Rivalitaten begriffenen

Argensburger Reichstag zu fürchten, von dem fo manches Glied bereits in frangofischem Sold und Dienst stand?

Rati II. von England

Einen noch glangenderen Sieg gewann Ludwig XIV. in England. Bir werden den leichtfertigen, charafterlofen Ronig Rarl II, und die Berhaltniffe bes englischen Staats nach dem Machener Frieden balb naber kennen lernen. Es war feine fcwere Arbeit, ben Stuart, welcher die Bollanber aus religiöfen und perfonlichen Motiven von Grund bes Bergens hafte, in die Rete des frangofischen Ronigs zu ziehen. Satte jener fich boch gerabe bamats mit einem Minifterium umgeben, bas in der Geschichte als "Cabal-Minikerinin" bezeichnet wird. Rachdem Colbert von Croiffy, Bruder des Minifters, der an Ruvigny's Stelle als Ge-Aug. 1668, fandter nach London geschickt mard, Die Ginkeitung zu einer Allianz gwischen beiben Monarchen getroffen und die politische Lage bes Infellandes erforscht; reifte die Schwester Raris, Beurtette von Orleans, in Begleitung einer fconen Sofdame, Mademoiselle be Querougille ans ber Bretagne, in bas Land ibret Geburt, um ihren toniglichen Bruber für Frantreich und für ben Ratholieismus, au dem fie fich felbft betehrt batte, au gewinnen. Babrend ibrer Unwesenheit 1. Juni 1879, und unter ihrer Mitwirkung tam in Dober ein geheimer Bertrag gum Abfchluß, in welchem fich die beiben Ronige jur Befriegung ber Bereinigten Staaten ber Rieberlande verpflichteten. Fraufreich follte ju Lande, England gur Gee ben Dberbefehl führen. Ludwig versprach bem verbundeten Mongreben awei Millionen Livres zu entrichten, damit er dem Barlamente gegenüber freiere Sand hatte, und mabrend der Dauer bes Rrieges jahrlich brei Millionen Gubfidiengelber gu gablen. Bugleich gab Rarl II. Die Buficherung, fobald es gefcheben tonne, feinen Uebertritt gur tatholifden Rirche gu erflaren, wie furg porber fein Bruber, ber Bergog von Bort gethan. Durch gemeinschaftliche Action follten bie zwei mach. tigsten Botentaten bes Beftens ben übermuthigen Freistaat, ber fich bas Schiebs. richteramt über andere Machte augemaßt und gegen die beiben Rationen, denen er fein Dafein verdante, ben ichwärzesten Undant geniat babe, ju Baffer und au Land befanpfen, feinen Stola benruthigen, feine Braponberang in ber Colonieund Handelswelt brechen. Auch über die Abtretungen, Die nach flegreicher Beendigung des Rrieges an England fallen follten, maren Bernbredungen getroffen. Rach Abschluß dieses Bertrags tehrte Benriette von Orleans nach Franfreid 30. Juni jurud'; einige Bochen nachher ftarb fie ploglich in St. Cloud. Die frangöfifche Hofbame aber, welche bas Bohlgefallen bes englischen Rönigs in boben Grade erregt hatte, blieb auf den Bunfch Ludwigs XIV. in Landon, wo fie, zur Beraogin von Portemouth erhoben, bald ben größten Ginfluß erlangte und im Intereffe Frankreichs und ber tatholifden Religion thatig wirtte. Aber war nicht Bu befürchten, daß bas englische Ministerium Diefein gwischen beiden Monarchen

> abgeschlossenen Bertrag fich widerseten wurde? Rach der Berfassung batte doch auch bas Barlament ein Bort mitzuseben. Allein fo febr ftand bonnale noch Die Nation unter bem Baun ber politischen und refigiofen Reaction, bas felbit

bie Rathe ber Krone, theils aus tatholischen Sympathien wie Clifford und Arlington theils aus felbstfüchtigen und eigennütigen Motiven ober aus Servilität fich gur Unterzeichnung des Eractats bereitwillig finden ließen. Rur der Artikel über den 31. Derbr. Religionswechsel bes Ronigs wurde gebeim gehalten, bamit Bolt und Parlament nicht bor der Beit beunruhigt murden. In Diefer Forin murde bann der Alliangvertrag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England befannt gemacht.

Bie hatte fich in wenigen Sahren die politische Lage geandert! Roch unlängst Roln und Runker im fonnten de Bitt und Billiam Temple den ftolgen Gedanken begen, die Triple. Bund mit alliang zu einem europäischen Bunde für die Erhaltung der spanischen Monarchie und des Gleichgewichts der Mächte auszubilden; und nun ftand die Republik Bolland einfam und allein einem übermächtigen Feinde gegenüber, zur See ben Angriffen der englischen Marine, ju Land ben frangofischen Beeren und ihren Berbnudeten blosgestellt. Ihr nachster Rachbar, Maximilian Beinrich, Rurfürst von Roln und Bischof von Luttich, batte fich schon oft über die teberische Republit geärgert, welche die Refte Rheinberg befett bielt und allen Migvergnügten feines Aurfürstenthums einen Rudhalt gewährte. Best bot fich ihm eine Belegenheit, feinen Rachbarhaß und Religionseifer zu befriedigen und zugleich ein schones Stud Gelb für fich und feinen Fürstenberg zu gewinnen. Der Rurfürft hatte icon fruber die rheinische Allianz erneuert; nun folog er ein Schus- und Trusbundniß mit bem Ronig und verpfandete ibm die Festung Neuß. Dahin legte alsbald Ludwig eine französisch-schweizerische Befapungsaruce und machte die Stadt zu einem Ariegsmagazin. Bugleich versprach der geistliche Berr gegen Buficherung namhafter Subfidien und ber Ginraumung von Rheinberg und Mastricht, wenn fie erobert sein wurden, Sulfstruppen zu dem toniglichen Beer au stellen. Einen abnlichen Bertrag ichloß auch der Bifchof von Munfter, Chriftoph Bernhard von Galen, "ber es liebte, ben Rriegemantel um bas geifeliche Gewand zu schlagen", mit Frankreich ab. Seine Mannschaften sollten mit den Rolnischen vereinigt werden, bafur wurden ihm Subfidien augefagt, Die ibm monatlich "in blanten Thalern" zu Diet ausgezahlt werden follten. "Benigstens jo weit gedachten die Bischofe ihres Berhaltniffes zum beutschen Reich, daß fie fich von dem Rönig zufagen ließen, bas Reich felbft nicht zu betriegen und teine Eroberung an dem rechten Ufer des Rheins und der Maas für fich au behalten." Der Bergog von Hannover und sein Bruder, der Bischof von Osnabrud, ließen lich zu einem Bertrag herbei, durch den fie fich gegen eine bestimmte Geldsumme berpflichteten, den frangöfischen Truppen Durchzug, Rauf von Lebensmitteln und Errichtung von Magazinen zu gestatten und keine Werbungen für andere zuzulaffen. Des Kurfürsten Rarl Ludwig von der Pfalz glaubte man in Baris ficher au sein, seitdem beffen Tochter Glisabeth Charlotte die zweite Gemahlin bes Bergogs von Orleans geworden. Selbft bei bem Aurfürsten von Brandenburg 16, Nov. berfuchte ber geschäftige Bilhelm von Fürstenberg feine Berführungetunfte. Durch einen Bund mit Franfreich, stellte er dem Obeim des Oraniers vor, fonne

er die Festungen wieder erlangen, welche die Sollander mabrend des julich-cleveschen Erbfolgestreits an fich gebracht, und augleich die Intereffen seines Reffen wahren. Aber bei Friedrich Bilhelm überwog bas religiofe und vaterlandische Gefühl alle andern Rudfichten, die frangofischen Anerbietungen wurden gurud: gewiesen.

#### 4. Der hollandische Krieg und die Arauelicene im gaag.

Rothringen So war es dem König von Frankreich gelungen, die Generalstaaten Sollands völlig au ifoliren. Das, Reib und Religionswuth wirften aufammen, um die Rachbarftaaten unter die Baffen gegen die Republit zu führen, die den monarchischen Beitibeen Opposition zu machen magte. Selbst bie Schweizer Eidgenoffenschaft ließ fich burch frangösische Sahrgelber bewegen, ihre ftreitbaren Alpenfohne zu Schergendiensten wider ben calvinischen Freiftagt beraugeben. Rur ber Herzog Rarl von Lothringen, der so viel Ungemach von dem mächtigen Rachbar erfahren und fo oft in ben spanischen und taiferlichen Beeren wiber benfelben geftritten, neigte fich auch jest zu Holland. Aber er beschleunigte baburch nur feinen eigenen Fall. Ludwig XIV. wollte bei feinem bevorstehenden Rrieg keinen unzuverlässigen Fürften in seiner Rachbarschaft dulben, deffen Land zu feindlichen Operationen dienen tonnte. Che noch die Ruftungen beendigt, die Unterhandlungen mit England und den beutschen Fürsten zum Abschluß geführt maren, Sert. 1670. erhielt ber Maricall Crequi Befehl, das Bergogthum zu befegen. Und fo fcnell wurde das Unternehmen ausgeführt, daß Rarl IV. fich nur mit Dube durch die Flucht rettete. Auf Raifer und Reich, unter beffen Schut bas Land und

fein Beherrscher noch immer ftand, wurde bei bem Gewaltatt feine Rudficht genommen. Es war bies ein Borfpiel und Borbild bes gangen Rrieges. Die Franzofen in

Den Generalftaaten tonnte es nicht verborgen bleiben, daß Frankreich auf Gelbern und einen neuen Baffengang finne. Die unermehlichen Rrieges und Mundporrathe, nand. 1672, die in den rheinischen Städten und an andern Grenzorten angehäuft wurden, die Mehrung der Armeen durch Berbungen, die Berftartung der Feftungen, Die Thatigfeit in den Baffenschmieden deuteten auf ein großes Unternehmen. Den noch traf ber Rathspenfionar nicht die zur Bertheidigung erforderlichen Rriegeanftalten. Die gleißnerische Freundlichkeit, womit ber frangofische Gefandte ihm fortwährend begegnete, scheint den sonst so flugen Mann fo umgarnt zu haben, daß er an teine Rriegsgefahr glaubte. Bohl mar die Staatstaffe gefüllt, das Rinanzwesen in guter Ordnung, der Credit unerschüttert, die Ariegsmarine in vortrefflichem Buftande; aber die Feftungen waren jum Theil mangelhaft armirt. die Landarmee bestand meistens aus geworbenen Truppen unter ungenbten Rührern aus ben ftabtischen Batrigiergeschlechtern. Bergebens fprach fich bie Mehrzahl der Provinzen fur die Uebertragung der Oberbefehlshaberschaft an den Bringen von Dranien aus; noch hielten be Bitt und die hollandischen Boch.

# II. Frantreid, Die fpan. Rieberlande u. Die Generalftaaten. 385

mogenben an ben republikanischen Prinzipien fest; nur das Commando filbet ein fliegendes Lager wurde ibm übergeben, mit dem Auftrage, die Uebergange bet Bffel zu bewachen. Die oberfte Leitung lag in den Banden ber Rriegscommiffare. Unfangs April erfolgte bie Rriegserflarung faft gleichzeitig von England und Frantreich. In der letteren bieß es, der Ronig tonne ohne Schabigung feiner Ehre Die Undantbarteit ber Generalftaaten für bie von ihm und seinen Borfahren empfangenen Bohlthaten nicht langer ertragen. Im Dai murbe ber Feldzug eröffnet, nachbem Ludwig fich im Sauptquartier zu Charleroi eingefunden hatte. 5. Ral 1872. Un ber Seite von Turenne jog er felbft ine Feld, umgeben von einer auserwählten Ritterfcaft aus ben erften Abelsfamilien; eine zweite Armee, Die fich bei Seban gesammelt, ftand unter bem Oberbefehl bes großen Conde, mahrend ber Bergog bon Luxemburg in bas Rutfürftenthum Roln einrudte und bort bie Bulfstruppen ber beiben geiftlichen Fürften an fich jog. In ben Generalftadten war man ber Meinung, der Feind wurde querft Maftricht angreifen und mit ber Belagerung biefer gut armirten Festung Beit und Rrafte aufbrauchen; aber bas Deer bes Romas war fo ftart, daß man ohne Gefahr eine Abtheilung gur Ginichließung biefer Maabstadt von der Sauptarmee abtrennen tonnte, mabrend bie übrigen Mannichaften ihren Marich burch bas cleve-tolnische Gebiet nach bem Rhein richteten. Es war eine Streitmacht von mindeftens 120,000 Mann, trefflich geruftet und unter Führern, die an friegerischem Ruhme alle anbern aberftrahlten. Gar mancher hatte icon im breißigjahrigen Rrieg gedient und Rich Erfahrungen gefammelt. Alle waren befeelt von Muth und Chrbegierbe; fie fühlten, daß eine neue Mera des Ruhmes für Frankreich im Anbruch fei, und wollten als ftrebfame Mitarbeiter babei erfunden werden. Diefer Aufschwung ber Seele wurde burch bie rafchen Erfolge gefteigert. Satten fruber bie hollanbifden Armeen bei den friegerifden Ereigniffen, die fich im nordweftlichen Europa abspielten, ben Ausschlag gegeben und in ben Rachbarlanbern manche feste Bofition behauptet; fo mußten jest bie ariftofratifchen Regenten im Saag erleben, bas nicht nur die kleinern befestigten Orte wie Buderich und Orfon bon ben Beinden mit leichter Dube eingenommen murben, fondern bag felbft bie ftarten Beftungen Rheinberg und Befel in ihre Gewalt geriethen. Auch Rees und Emmerich vermochten fich nicht ju halten; fcon in ben erften Sagen bes Juni naberten fich die Frangosen der Proving Gelbeen. Die hollander setten ihr Bertrauen auf Die fdwierige Bobenbeschaffenheit, auf bas von Blugarmen burch. ichnittene von Teftungen bewachte Land; aber wie erschrafen fie, als die frangoffichen Deere, nach dem in Geschichte und Poefie fo viel gefeierten Rheinübergang bes Ronigs an bem Bollhaufe (Tolhuis) bei ber Schenkenfchang in bas 12. Juni. Berg ber Generalftaaten vordrangen! Mittelft einer Untiefe, die ein ortefundiger tatholifcher Bauer bem in Solland befannten Grafen von Buiche zeigte, fetten die Frangofen, voran bie adelige Ritterfchaft, die fich Lorbeeren und bes Ronigs Gunft zu erwerben trachtete, im Angeficht bes Feinbes über ben burch eine an-Beber, Beltgefdichte. XII.

haltende Trodenheit seicht gewordenen Strom. Diefes Unternehmen, wobei freilich mancher tapfere Mann, barunter ber junge Longueville, einer ber Mitbewerber um die polnische Krone, den Tod fand, entschied über bas Schickfal bes Feldzugs. Der Bring von Dranien, ber die Uebergange über die Bffel bewacht hatte, jog fich nach Utrecht und überließ das nördliche Land den geiftlichen Herren von Roln und Munfter und ihren roben Soldfnechten. Unaufhaltfam drangen bie Feinde vorwarts: in Rurgem mar gang Gelberland mit ben Stadten Urnheim und Nymwegen und die Betuve, das alte Bataverland, in den Handen der Frangosen; auch Utrecht, bas die von bem Bringen geforderte Berftorung ber Borftadte nicht zulaffen wollte, mußte fich ergeben; icon murbe bie Proving Bolland bedroht, wohin fich Bilbelm mit feinen geringen Mannichaften gezogen; frangofische Dragoner ftreiften bis nach Dugben, bis in die Rabe von Amfterdam. Da war Holland in Noth. Schreden und Befturzung bemächtigten fich aller Gemuther; viele floben nach Seeland, nach Samburg, nach Danemart. "Ueber bem gangen Lande lag jenes betäubende Gefühl, mo ein Beber, an ben öffentlichen Dingen verzweifelnd, nur fein perfonliches Dafein zu retten fucht." Bur See hoffte ber Bergog von Bort, trop der unentschiedenen Seefchlacht bei Southwoldsbap die Landung an der hollandischen Rufte ju erzwingen. Satte ber Ronig den Borichlag bes bei bem Rheinübergang verwundeten Conde angenommen, fogleich auf die Sauptstadt loszugeben, fo mare die Republik verloren gemesen; Pouvois' und Turennes Rath, gubor die Festungen einzunehmen und burch Befatungen zu fichern, gab ben Sollandern Beit, fich zu faffen und in ber Ratur und Bobenbeschaffenheit bes Landes Bulfe ju fuchen.

Ariebens:

Che fie aber zu biefem verzweifelten Mittel griffen, machten die bochmogen. den Herren in Amfterdam bei dem Ronig felbst Friedensversuche. Demuthia 26. Juni nabete fich Peter be Groot, gleich seinem Bater Sugo am frangofischen Sofe gerne gefeben, bem toniglichen Lager und richtete im Auftrage ber Generalftaaten an ben Monarchen die Bitte, "er moge boch die Bedingungen bezeichnen, unter benen er ihnen fein fruberes, von ben Borfahren ererbtes Bohlwollen wieder ichenten wolle." Der Gefandte mar zu weitgebenden Bugeftandniffen ermachtigt: Die ariftofratifchen Saupter maren bereit gewesen ihre mantende Autoritat burch große Opfer ju ertaufen. Blieben nur die alten Provingen in ihrer Integrität, ihrer Berfaffung und Unabhangigfeit erhalten, fo maren fie erbotig, bem Ronig eine Entschädigung von 12 Millionen Livres und die Abtretung ber fogenannten "Generalitätslande" ju gemahren, alfo ihm alle bie Lanbichaften und Stadte ju überlaffen, die allmählich burch ben Rrieg ben Bereinigten Staaten zugewandt worden maren. Dazu gehörten die wichtigen Stadte Mastricht und Benloo. Bergogenbusch und Breda. Ludwig hatte baburch in der Mitte der beiden niederlandischen Staaten eine Schiederichterliche Stellung gewonnen, die früher ober spater au einer herrschaft ober au einem Brotectorat über beibe batte führen muffen. Aber fei es aus Uebermuth, fei ce aus Rudficht fur ben englischen

Bundesgenoffen, Ludwig wies die Anerbietungen von der Sand. Er ftellte Forderungen, welche so tief in das Staats, und Berfaffungsleben der Republik einariffen, daß die regierenden Gerren unmöglich barauf eingeben tonnten. Richt nur daß er auch noch den auf dem linken Baalufer gelegenen Theil von Geldern mit Romwegen und eine bobere Entschädigungesumme verlangte; die Staaten sollten die Singangszölle für franzöfische Brodutte und Baaren abschaffen, sollten den Ratholiten freie Religionsübung und Butritt zu allen Aemtern geftatten und durch ein Dentzeichen tund thun, daß die Republit ihre Erhaltung der Gnabe Frankreichs verdanke. So entehrend biefe Bedingungen maren, fo murden boch die Unterhandlungen nicht abgebrochen, bis eine unerwartete Ratastrophe eintrat, welche die ganze Sachlage anderte. Raum nämlich war Ludwig XIV., ber nur nach dem Ruhme des Siegers, nicht nach ben Beschwerden des Feldzugs Berlangen trug, nach Berfailles zu feinen Soffesten, Schmeichlern und Bublerinnen aurudgetehrt; als die oranische Boltspartei, nachdem fie auf blutigen Begen aur herrschaft gelangt war, mit Energie gur Rettung bes Baterlandes aus Schmach und Berberben ichritt.

Die Anhanger des Bringen und alle dem herrschenden Ariftofratenregiment Ermorbung ber Braber feindseligen Clemente schoben die ganze Schuld des Unglud's auf die Republifaner, be Bitt. die bas Land in unzureichenden Bertheidigungeftand gefest hatten; fie flagten ben Grofpenfionar de Bitt bes Landesverrathe und bes Cinverftandniffes mit Frankreich an, die frangofische Herrschaft sei ihm und seinen Genoffen lieber als die des Oraniers. Bei einem Mordanfalle murbe de Bitt vermundet; ber Hauptthater ward ergriffen und hingerichtet, aber so hoch ging bereits die populare 29. Juni. Bewegung, daß ber Schuldige als patriotischer Martyrer verherrlicht murbe. In Holland und Seeland forderte das Bolf mit Ungeftum die Aufbebung des Emigen Ebittes und bie Ginsegung bes Pringen von Dranien jum Statthalter und Dberbefehlshaber ber Land. und Seemacht. Die Berren bes Rathe gehorchten, fie legten bas Schicfal ber Republit in die Bande bes zweiundzwanzigjahrigen Fürsten. Aber die Bolkbrache verlangte ihr Opfer. Der Rathspensionar und sein Bruder Cornelius, Kriegscommiffar und Ruward, galten für die unerbittlichften Geaner bes Draniers; wider fie richtete fich die Buth der von Demagogen und geistlichen Beloten aufgeregten unteren Boltstlaffen. Cornelius de Bitt lag als Angellagter im Saager Gefängniß; fein Bruder ber Rathspenfionar befuchte ihn. In diefem Augenblid brach ein Bolfshaufen durch die Thuren, rif Die 20. Musbeiden Bruder unter Bermunschungen und Dishandlungen auf die Strafe, um fie jum Bochgericht ju führen. Dort traten ihnen neue Bobelmaffen in ben Beg, und nun ereignete fich eine jener Grauelscenen, wie die Geschichte revolutionarer Bollbaufftande, wenn Sag und Parteiwuth die popularen Clemente in Bahrung fest, fo manche ju berichten bat. Die beiben bochbergigen und baterlandischen Manner, Johann und Cornelius de Bitt murden auf gräßliche Beife ermordet und ihre Leichname von ber entmenschten Rotte verftummelt, beschimbft

und gehöhnt. Und die That blieb ungeftraft, ja der Bauptrabelsführer erbielt ein fleines Amt. De Bitte Rachfolger ale Grofpenfionar bes Rathes wurde Raspar Fagel, der jest ganz in das Oranische Heerlager überging.

Seitung.

So entehrend und schmachvoll immer die barbarifche Begebenheit in ben Strafen bes Saag fur bas hollanbifde Boll war, die burch die blutige Action eingeleitete Beranberung in bem Regimente gab bem Staat Ginbeit und Rraft. Der gabrende Bollsgeift batte mit fürchterlichem Inflintte ben Beg der Rettung erkannt und betreten. Bilbelm III. von Dranien, ber Urentel bes Schweigers, auf ben fowohl bie fluge Besonnenheit und Charafterftarte ale bas Feldherrn. talent und die unermubliche Thatigkeit feiner Borfahren übergegangen war, wedte friegerischen Sinn und patriotische Begeisterung in ben Burgern und Solbaten. Er war entschloffen, die Republit, beren Leitung ihm jest augefallen, in ibrer gangen Macht und in ihrer politischen und religiösen Unabhangigfeit gu behaupten. "Das Baterland rechnet auf mich" gab er ben zu Frieden und Unterwerfung Rathenben zur Antwort; "ich werbe es nie untvürdigen Rudfichten opfern, fondern, wenn es fein muß, mit ibm in der letten Schanze untergeben." Und als ob ber himmel felbft ben patriotischen Aufschwung begunftige, nahm jest bie Erodenheit, welche bisber bie Unternehmungen ber Frangofen und insbefondere ben Rheinübergang bei Tolhuis fo wunderbar begunstigt batte, ein Ende. Schon früher hatten die Sinwohner Sollands die Damme burchstochen und die Schlen-Ben geöffnet, um dem Feinde die Annaberung unmöglich zu machen; jest füllten nich die Canale und es traten jene Ueberfluthungen ein, benen in fruberen Beiten Solland fo oft feine Rettung verbantte, die aber auch freilich die Ernte auf Jahre gerftorten und ben Boden beschädigten. In ben öftlichen Theilen leifteten bie Burger und Befahungsmannichaften bon Groningen und Coeverden ben folnisch-munfterischen Eruppen unter Führung eines beutschen Beteranen aus bem breißigjabrigen Rrieg fo erfolgreichen Biberftand, baf bie feindlichen Beere nach August 1672, großen Berluften jum Abzug fich gezwungen faben. Die englisch-frangofische Motte, die vom Texel aus eine Landung unternehmen wollte, wurde durch eine Chbe von ungewöhnlicher Dauer und burch ungunftigen Bind fo lange gurud. gehalten, bis be Anyters Gefchwaber herbeitam und bas Unternehmen verbinberte. Und als der Marschall von Luzemburg zu Anfang des Winters, da der Froft die aberfcwenunten Felder in Gisflachen verwandelte, bon Utrecht aus einen Feldzug in bas Innere von Solland unternahm, wurde fein Borhaben durch plöglich eintretendes Thauwetter vereitelt. Roch lange ergablte man fic ion ben Gräuelthaten, welche die über die getäuschten Erwartungen wäthende frangoniche Solbatesca in den Orten Bodegrave und Swammerdam vernbte. So unterfrühten die Elemente und die Ratur bes Landes die patriotischen Anftrengungen ber Sollander. Auf ben Anien flehte das Bolf mit den Beiftand bes Simmels. "Und fo innig fie beteten, fo tapfer ftritten fie." Bahrend bes folgenden Sommert lieferte die hollandische Flotte unter de Rugter und Tromp der englisch-frangofischen

## II. Frantreich, die fpan. Rieberlande u. die Generalstaaten. 389

Seemacht unter Bort und Bring Ruprecht brei Seefchlachten, die, wenn fie auch feine vollftanbigen Siege brachten, boch die Feinde von jeder Landung abhielten. "In Aurgem tonnten bie Fasttage in Dankfeste verwandelt werben."

## 5. Erweiterung des Kriegs. Der erfte Coasitionsarieg gegen Cudwig XIV.

Auch au Lande nahmen die Dinge bald eine fur die Riederlande gunfti- Die Belbinge gere Bendung, indem ber Rrieg fich ju einem europaischen erweiterte und die Rachbarftwaten zur Theilnahme gezwungen wurden. Bir wiffen, wie bachfinnig Briedrich Bilbelm von Brandenburg die frangofischen Berführungstunfte von fich wies; nun folog er mit ben vereinigten Provingen einen Bund und unterfüntte feinen Reffen mit einem Gulfsbeer. Aus politischen, religiöfen und perfonlichen Motiven tonnte er nicht gugeben, daß ber calbinifch-oranische Freistaat ber absolutiftisch-tatholischen Gewaltherrschaft erliege. Seine Borftellungen, welche Gefahren bem deutschen Reich von ber Uebermacht Frankreichs brobten, machten auch in Bien folden Ginbrud, daß fich ber Raifer mit ibm gur Aufrechthaltung bes Machener Friedens verband und ein Beer unter Montecuccoli an den Rhein fandte, welches mit den Brandenburgern vereinigt die Frangosen bom Ueberschreiten diefes Fluffes abhalten follte. Die Erscheinung dieser Truppen an bem bentichen Strom nothigte ben Ronig, feine Urmeen ju theilen, boch waren fie auch jest noch ftart genug, gegenüber einem unschluffigen Beinde bas Keld zu behaupten.

Babrend Turenne und Condé mit getrennten heerabtheilungen nach den Abeingegenden jogen, um mit den deutschen Berbundeten vereinigt, den taiferlich-brandenburgifden Eruppen ju widerfteben, und bas Rurfürftenthum Erier befesten, weil in den Beftungen Coblens und Chrenbreitstein taiferliche Befagung aufgenommen worden mar; bedrängte eine andere Abtheilung die Stadt Maftricht mit fo fcarfer Belagerung, bas die wichtige Bestung den Franzosen übergeben werden mußte. In Wien mar man 29. Juni feineswegs ernftlich entichloffen, dem Reichsfeind mit aller Macht entgegenzutreten. Bas lag dem öfterreichischen Cabinet an Solland und Brandenburg, zwei tegerischen Staaten! Der einflugreichfte Minifter Lobtowis ftand im Solde bes frangofifden Ronigs und fucte den unfelbständigen, bin und ber fcwantenden Raifer Leopold auf Frankreichs Seite ju gieben. Beftand ja boch noch immer ber geheime Theilungstractat! Go ficher fühlte fich der öfterreichische Minister feiner Sache, daß er einft zu dem frangofischen Besandten fagte : "Der Raifer ift nicht wie Guer Ronig, der Alles fieht und thut, er ift wie eine Statue, die man tragt wohin man will und ihr Stellungen nach Belieben gibt." Go welt reichte ber Cinflus bes Minifters allerdings nicht, daß er ein Bundniß amifchen Defterreich und Frankreich hatte au Stande bringen tonnen; bagegen erhielt ber taiferliche heerführer Montecuccoti von feinem hofe die Beifung, fich in teine Gefecte einzulaffen. In Folge deffen nahm der taiferliche Beldberr eine fo unfichere Baltung, daß die militarifchen Blane des Rurfürften und bes Bringen von Oranien nicht ausgeführt werden konnten, weil Montecuccoli feine Mitwirtung verfagte. Buste man doch taum, ob die öfterreichifchen Seere die Berbundeten unterftugen oder jugeln follten. Es hief fogar, im frangofifden Beere babe man die von dem Biener Rriegerath vorgefdriebenen geldzugsplane früher getannt als im öfterreichifden Sauptquartier ; fo daß Montecuecoli mit bitterfter Ironie fich außern tonnte, "es fei einerlei, ob man die

Depefden an ihn ober gleich nach Baris fdide". 3m Regensburger Reichstag aber mußte ber frangöfische Bevollmächtigte mit Gulfe ber bon bem Ronig gewonnenen Regierungen den Befchluß einer Mobilmachung des Reichsheeres ju verhindern. Rein Bunder, das die Anspruche Ludwigs XIV. immer bober fliegen, die Rudfichtslofigteiten ber frangofischen Beerführer immer greller herbortraten. Der Friedenscongres ju 26. Juni Roln unter Schwedens Bermittelung brachte feinen Ausgleich ju Stande, ba die Generalstaaten auf die von Ludwig erhobenen Forderungen nicht eingeben konnten, und felbft der Rurfürft Friedrich Bilbelm fab fich genothigt, um feine Clebefchen Befigungen 16. Inni gurud zu erhalten, ju Boffem bei Lowen mit Frankreich einen Reutralitätsbectrag zu foliegen und vom Rampfplag abzutreten. Doch behielt er fich freie Sand vor fur ben Fall, daß das Reich in den Krieg verwidelt wurde. Dagegen erlangten die Bereinigten Staaten einen Berbundeten an Spanien. Auch in dem Madrider Cabinet bestand wie in dem Biener ein Bwiefpalt der Meinungen; aber durch den Marquis de Caftelrodrige, einen Mann bon Beift und Redegabe, erhielt die antifrangofifche Partei bas Uebergewicht. Man gab endlich ben ererbten Saf gegen ben "Reger- und Rebellenstaat" auf. Im haag murde ein Bertrag ju gegenseitiger bulfe geschloffen und der Graf pon Monteren, damals Couverneur in Bruffel leiftete bem Bringen von Oranien Beiftand auf einem Feldzug gegen Charleroi. Darin erkannte Ludwig einen Bruch des Nachener Kriedens und erklarte nun feinerseits an Spanien ben Krieg. Best tam auch für ben Raifer Leopold die Beit, eine entschiedene Stellung ju nehmen. Die franzöfischen Heere hatten wiederholt das Reichsgebiet betreten; Turenne hatte mehrere Rheinübergange in feiner Gewalt, im Elfaß, in Lothringen, in den drei Bisthumern maren die alten Gerechtfame nicht beachtet worden; follten alle diese Rechtsverlegungen ruhig geduldet werden? Dann mar es um die Ehre des Raifers und um die Sicherheit des Reichs gefcheben. Bir wiffen ja, wie viele gebern icon jur Beit b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im Solde Frankreichs thatig waren, um die unerhorteften Anspruche bes Ronigs zu rechtfertigen (XI, 1019). Auch mar es fur Leopold ein unerträglicher Gedante, bas die beiben Linien bes Sabsburger Saufes in der Politit verfchiedene Bege geben follten. Gerade auf diefer Bereinigung maren fruber fo große Resultate erzielt morden. Go entichlos fich benn ber Raifer nach langem innerem Rampfe, bem Rriegsbund gegen Frankreich 28. Aug. beigutreten. An heiliger Statte, bor einem Gnadenbilde in einer Jesuitentirche faßte er den Entichluß. Montecuccoli erhielt den Befehl über ben Rhein ju fegen; die Rud-Deebr. 1673. eroberung von Bonn, welches Eurenne befest hatte, bezeichnete bie neue Benbung bes Rrieges.

Der nene

Roch waren die Gesandten in Köln versammelt, unter ihnen Bilhelm von Rriegebund Fürstenberg. Da wurde der verratherische Pralat von taiserlichen Soldaten auf reich. ber Straße überfallen und nach Desterreich in sicheres Gewahrsam gebracht.

1674. Dies gab ben übrigen das Zeichen, daß nun die Zeit für die Friedensunterhande lungen vorüber sei. Nun konnte auch das Reich nicht mehr zurud bleiben. Die geiftlichen herren von Roln und Munfter faben fich genothigt, ihrem Bundnis mit Ludwig XIV. zu entfagen und mit Holland Frieden zu machen. Pfalzgraf Rarl Ludwig, der bisher aus perfonlichen, dynaftischen und politiichen Rudfichten fich bom Rrieg wider Frankreich fern gehalten, folog fich ber Allianz an; auch der Rurfürft von Brandenburg mar froh, von der läftigen Rentralität befreit zu fein. Sein wohlgeruftetes ichlagfertiges Beer bildete ben Dai 1874. beften Beftandtheil ber Reichsarmee. Endlich erflärte fich auch ber Regensburger

Reichstag fur ben Anschluß. Die gemeinsame Gefahr ließ alle confessionellen Bebenten und fleinen Rebenrudfichten bergeffen. Mit Freuden trat ber berjagte Bergog von Lothringen ber neuen Rriegsgenoffenschaft bei. Durch fie hoffte er wieder in fein Land eingefest zu werden. Auch in England war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ftart genug, die Regierung ju einem Friedensschluß mit ben vereinigten Staaten zu nothigen; allein wir werden sehen, daß Ronig Rarl II. andere Bege ging. Die englischen Landtruppen blieben unter ber Führung bes Bergogs von Monmouth, eines natürlichen Sohnes bes Ronigs bei Frankreichs Fahnen.

Bie hatte fich die Lage in zwei Jahren verandert! Bu Anfang des Krieges Der Krieg zog Ludwig an der Spipe einer ftarten Bundesgenoffenschaft gegen die ifolirten 1674. Beneralftaaten, jest ftand er einer europäischen Coalition gegenüber. Aber mit der Babl der Feinde wuchs auch Frankreichs triegerische Rraft. Wenn der Ronig, um den erften Rriegefturmen auszuweichen, die hollandischen Feftungen raumte und feine Armeen bom Rheine gurudzog, fo gefcab es in ber Absicht jest, nach bem Bruch bes Nachener Friedens ben Arieg auf einer weiteren Operationsbasis bon Reuem in Angriff zu nehmen. Besonders sollte Spanien, dem man nun keinerlei Rudficht mehr foulbig zu fein glaubte, und bas beutsche Reich, bas fo viele schwache Seiten barbot und mo so leichte gunftig gelegene Eroberungen wint. ten, ben ftarten Urm bes frangofischen Gewaltherrschers empfinden. Und bald genug entbrannte aufs neue die Rriegsflamme im Often und im Norden. Ludwig XIV. hatte in Bien und an den deutschen Fürstenhöfen noch Freunde und Soldlinge genug, die ihm die Blane feiner Feinde verriethen. Da vernahm er benn, bag man faiferlicher Seits zuerft bem Bergog von Lothringen fein Band jurudgeben und es jum Mittelpuntt einer großen ftrategischen Angriffelinie machen wolle, die fich einerseits nach ben Riederlanden, andererseits nach ber Franche-Comté ausdehnen follte. Diefem Borhaben begegnete Ludwig burch Bahrend er felbst wieder nach ber grande einen wohlüberlegten Bertheidigungsplan. Freigraffchaft vordrang, in der Abficht das gunftig gelegene Land zum zweiten- vbert. mal zu erobern und auf alle Falle zu behaupten, follte Turenne ben Bergog von Lothringen beschäftigen und Conde die niederlandischen Grenglande gegen bie spanisch-hollandische Rriegsmacht unter Bilhelm bon Dranien bewachen und ausbehnen. Die Franche-Counté fiel in wenigen Bochen in die Sande des Ronigs; die brei befestigten Stabte Befançon, Dole und Salins murden von Ludwig zur Unterwerfung gebracht, mahrend Turenne den Lothringer abhielt, ber Mai und 1674. Probing zur Bulfe zu tommen.

Bu berfelben Beit rudte ein hollandisch-spanisches Beer unter Oranien Schlacht und Monteren, bem ein faiferliches Armeecorps unter de Souches beigegeben war, nach bem Bennegau bor, wo Conde und Luxemburg in ber Gegend von Charleroi eine feste Bosition eingenommen hatten. Dranien war für einen sofortigen Angriff; aber auf ben Borichlag bes taiferlichen Kelbberrn, ber ben rafchen Unternehmungsmuth bes Pringen gugeln gu muffen glaubte, wurde befchloffen,

bas feinbliche Lager zu umgeben, um bie frangofische Grenze zu gewinnen. Da wurde aber bas verbundete Beer ploglich von Conde im Ruden angegriffen und es ereignete fich bei bem Dorfe Sen ef eine ber blutigften Schlachten bes gangen 11. Mug. Rrieges. Schon war ber fpanifche Theil ganglich aufgerieben; fcon batte auch ber niederlandifche, ba be Souches mit feiner Bulfe gogerte, großen Schaben genommen, als bei einer Erneuerung des Rampfes durch die bereinigten taiferlichoranischen Truppen, ber noch in die monderleuchtete Racht hinein fortgefet trard, fich das Schickal wendete und die Berbundeten im Bortheil blieben. Doch war Die Schlacht unentschieden; beide Theile behaupteten ihre Stellungen auf bem Baffenfelde und jeder schrieb fich den Sieg zu. Aber die Berluste waren für bie Einen wie fur die Andern fo groß, daß man auf feiner Seite mehr etwas Entscheidendes zu unternehmen wagte. Die Berbundeten gaben ben Blau, über bie frangöfische Grenze zu ruden auf. Im nachften Jahr bemachtigte fich Lub. wig der ganzen Maaslinie, indem er die Festungen Sup, Lüttich und Limburg theils burch Baffen theils burch Gelb in seine Gewalt brachte. Die oben Mauern bes Limburger Schloffes find noch jest ein ftummer Beuge ber barbarifchen Rriegs. weise jener Tage. Seitbem tonnte von einem Bordringen nach Frantreich von Rorden ber feine Rebe mehr fein.

Die Fran-

Um fo eifriger trachteten die Berbundeten fich von Often ber ben Beg offen affen im Glas und in halten und insbesondere dem Reiche die Stellung im Elfaß zu bewahren, die ber Pfalz. ihm in de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gesichert worden. Schon im Anfang bes Rrie ges hatte Conbe bie Rheinbrude bei Stagburg in Brand gefett; nun wurden Anftalten getroffen, das gange Land unmittelbar an die Rrone Frantreich ju bringen. Die gebn tleinen Reichsftabte, beren Reichszugehörigkeit bei ber Ueberlaffung des Landes an Frankreich vorbehalten worden war, bewahrten noch immer mit ber beutschen Art, Sitte und Sprache auch die Anbanglichkeit an Raifer und Reich. Die ftabtischen Beamten, Magistrate und Bunftmeister leisteten noch immer den Gib der Treue wie auf der rechten Seite des Stromes. Diese getheilte herrschaft wollte Ludwig XIV. nicht länger dulben. In hagenau, Colmar. Schlettstatt u. a. D. wurden bie Banbe, bie an Raifer und Reich knupften. allmählich zerschnitten, Die Sonderrechte, Gibesleiftungen, Befreiungen und Ausnahmen, die noch eine gewiffe Autonomie verriethen, wurden abgeschafft, Die Burger entwaffnet, Die Festungswerte abgetragen. Damit diese Bergewaltigung burchgeführt werden tounte, mußte das Reichsheer fern gehalten werben. Und Turenne, bagu mar Riemand geeigneter als Turenne, ber große Feldberr, ber feit einem Menschenalter mehr als irgend ein Mann für die Macht und Berrlichkeit bes frangofischen Ronigthums eifrig und erfolgreich gewirtt hatte, bem nichts bober stand als der Ruhm des Monarchen und die Größe der Nation und der über sein Beer fast mit souveraner Bewalt gebot. Denn er befaß in gleichem Mase bas Vertrauen bes Ronigs, in beffen politische und militarische Blane er eingeweiht war, wie die Ergebenheit und treue Unhanglichfeit des Geeres, bas er durch

feste Ordnung und Disciplin an feine Fahne fesselte. Die einheitliche Macht verschaffte bem frangöfischen Felbherrn bas Uebergewicht über die Feinde, benen biefer Borgug gong und gar abging. Beber Reichsfürft und Reichsfeldherr wollte feinen Billen burchfegen und oft genug erregte die Haltung ber toiferlichen Befehlshaber den Berbacht, bag man in Bien auch jest noch nicht aufrichtig ben Krieg gegen Frankreich munfche. Roch war in der Hofburg der Labkowitsiche Geift nicht verschwunden. Als der Lothringer durch Eurenne über den Rhein ge- Juni 1674. jegt ward, sogerte ber teiferliche General Bournonville fo lange fich mit bem Bundesgenoffen zu verbinden, das ber frangöfische Felbherr Beit fand auf Gilmarichen den Bergag über den deutschen Strom zu verfolgen und, nachdem er ihm bei Gingbeim eine Riederlage beigebracht, den Feind nach dem Main zu drangen und fich der Unterpfalz zu bemächtigen. Schon bei diefer Gelegenheit murde die verwüftende Briegeweife, Die dann Louvois methodisch ausbildete, in Unwendung gebracht. Um namlich bem Reichsheer, bas fich nach bem Mittelrhein und Elfaß in Bewegung geset, durch Bernichtung der Lebensmittel den Ginmarich ju erichweren, wurden auf ber linken Seite bes Fluffes die Dorfer und Meierhofe in Braud gefest, die Fruchtfelber und Obitbaume verwüstet. Als ber Rurfürft von der Pfalz bon der Altane bes Beibelberger Schloffes in bem überrheinischen Theile feines Landes die Flamme emporlodern fah, wurde er fo fehr von Unwillen und Mitkib ergriffen, daß er bem frangofischen Bergog, beffen Bater in ber Pfalg einft eine Buffucht gefunden, ein Schreiben aufandte, bas eine Herausforderung enthielt. Turenne lebute den Zweitampf ab, weil der Dienst des Königs dies nicht geftatte. Und in der That mar es nicht perfonlicher Das oder Gefallen an Gewaltfamteit, was den Feldheren zu diefem Berfahren bewog, fondern nur bie eiferne und barbarische Ariegemeise, die man in Boris für nothwendig erachtete. Anwandlungen bom Graufamkeit waren seiner Seele freind. In Bien gelang es endlich den Borftellungen der Gelbherrn, bei bem Raifer die Entfernung bes im frangofischen Intereffe wirfenden Miniftere Lobtowig zu erwirten, und eine ernft. Dit. 1674. liche Rriogoführung ins Leben ju rufen. Demgufolge überschritten im Spatherbft die Raiserlichen und die Reichsarmee in getrennten Abtheilungen ben Rhein, um fich im Elfas feftaufegen. Aber burch eine Reite vereingelter Angriffe und Ueberfalle mitten im Binter brachte Turenne den weitauseinander liegenden beutichen Eruppen so viele Berluste bei, daß sie fich wieder über den Rhein zurudziehen 3an. 1078. mußten. Gelbft Aurfürft Friedrich Bilhelm und fein Felbberr Derflinger waren nicht berinogend, bie gerftreuten und imeinigen Seerforper zu einer gemeinsamen Action gegen den Meifter der strategischen Runft zu vereinigen. Rach dem scharfen Eroffen bei Türkheim mußten auch die Brandenburger bas linke Stromufer 5. 3an. aufgeben. Turenne wurde wegen diefes Winterfeldzugs im Elfaß gegen einen an Streitfraften ihm überlegenen Feind mit Recht gefeiert; er hatte eben ben Bortheil einer einheitlichen planmäßigen Führung gegenüber einem gespaltenen Dearlorner.

### 6. fehrbellin. Safbach. Nymweger frieden.

Diploma tifche Runfte

Babrend Ludwigs Beere und Relbherren mit ben Baffen bie Feinde beu. Alliangen tampften, maren feine Diplomaten und Agenten thatig, benfelben Begner im eigenen Sause oder bei den Rachbarn zu erweden. Mit der Rriegführung ging eine großartige Politit Sand in Sand. Bermandtichaftliche Beziehungen und religiofe Sympathien maren an manchen Bofen wirkfame Bebel bes frangofischen Interesses; und wo diese nicht eingesetzt werden konnten, da halfen Subsidien und Jahrgelber. Denn Riemand verftand die Runft "Thore ber Stadte mit Gold zu öffnen" beffer anzuwenden als Ludwig XIV. In Ungarn und Siebenburgen, in Polen und in der Turtei war die frangofische Diplomatie thatig, der österreichischen Berrichaft Feindschaften zu bereiten, welche den Raiser nothigten, feine Aufmertfamteit mehr bem Often auguwenden und feine Streitfrafte gu theilen; in Sicilien erhob die Stadt Meffina, erbittert über die Berlegung ihrer Borrechte burch eine neue Auflage, Die Fahne ber Emporung gegen Spanien und ftellte fich unter Frankreichs Schupherrichaft; eine Rriegeflotte unter Abmiral Du Queene tampfte mit Glud gegen die spanischen Galeeren in den ficilischen Gewäffern, so daß die Regierung in Madrid neue Streitfrafte nach der Insel senden mußte und dadurch verhindert ward, die Franzosen in den Riederlanden und an ben Phrenaen mit bem rechten Rachbrud zu befampfen; in Schweden brachte eine Bermehrung der Subfidien neues Leben unter die verbundete Ariftotratie und machte die Stockholmer Regierung ju Baffendiensten bereit, wie fie Frankreich bedurfte.

Die Gowe ben in ber

Diefe Runfte verfehlten ihre Birtung nicht. Bie wir fpater genauer er-Mart Bran- fahren werben, fiel von Pommern aus ein fcwedisches Beer unter General Brangel in Brandenburg ein und wiederholte dort die Bedrudungen, Dis. handlungen und Berwüftungen bes breißigjahrigen Rrieges. Auf die Runde bon biefen Borgangen fab fich ber Rurfürft genothigt, die Rheinarmee zu verlaffen. Rach einem meisterhaften Marsche burch Franken erschien er mit seinem tapfern Feldherrn Derflinger in der Mark, ohne daß die Feinde die geringste Ahnung 25. 3uni. davon hatten, nahm die schwedische Besatung in Rathenow durch einen Ueberfall Chlacht bei gefangen, und gewann brei Tage spater den glanzenden Sieg bei Fehrbellin Bebreellin, Bejungen, und geranne Beind. Roch nie war ein Brandenburger Fürst mit solcher 28. Juni über den viel stärkeren Feind. Roch nie war ein Brandenburger Fürst mit solcher 1675. ftrategischen Runft und mit folder entschloffenen Tapferteit in Die Schlacht gejogen, wie Friedrich Bilhelm am 28. Juni. In fluchtabnlicher Gile verließen die Schweden die Mart und waren nicht im Stande, Pommern gegen ben berfolgenden Feind zu behaupten. Die Schlacht von Fehrbellin mar die erfte große Baffenthat, die den Brandenburger Ramen verherrlicht hat; Geschichte, Eradition und Sage haben die Erinnerung baran von Geschlecht zu Geschlecht lebendig erhalten. In bem Gemuthe bes Boltes befeftigte fich ber Glaube, daß an diefem Tage bas Baus Bobengollern in die Bahn eines weltgeschichtlichen Berufes ein-

II. Frantreid, bie fpan. Rieberlanbe u. Die Generalftaaten. 395

getreten fei. Bie fein frangofischer Beitgenoffe in ber Geschichte als ber "große Conde" bezeichnet wirb, so erhielt seitbem Friedrich Bilbelm ben Beinamen ber "große Rurfürft".

Der Abang des Brandenburger Beeres machte fich am Rhein bald fühlbar. Ereffen bei Bie tapfer immer ber taiferliche Relbmarfchall Montecuccoli, ber feit ber Ber- 27 weisung des Fürsten Lobtowis auf feine bohmifden Befigungen freiere Band und mehr Autorität über die gesammte Reichsarmee hatte, dem frangöfischen Gegner wiberstand; er konnte nicht berhindern, daß Turenne abermals den Strom überfdritt und bas beutfde Ufer bom Breisgan bis jum Redar furchtbar verheerte. Aber diese Erfolge wurden ausgeglichen durch das Treffen bei Saß. bach, wo Turenne beim Recognosciren burch eine Ranonentugel getöbtet warb, ein Berluft, der für die Frangosen empfindlicher war als die erlittene Riederlage.

Die gange Ration betrauerte ben Sall bes großen Mannes, des Meifters der da- Eurenne und Conbi. maligen Strategit. Eurenne galt fur ben eigentlichen Begrunder ber neueren auf umfaffenden Combinationen und Blanen und auf wohl berechneten Marfchen und Stellungen beruhenden Ariegetunft. Mit diefen Feldherrngaben verband er politifden Scharfblid und eine begeifterte hingebung an das unbefchrantte Ronigthum, an deffen Begrundung er selbft so thatig mitgewirtt, und an Frankreichs nationale Chre und Größe. "Er war einer bon den Menschen", sagt Rante, "die in der Mitte einer großen und weltumfaffenden Thatigkeit, in der Anschauung großer Biele fich felbst verschwinden. Cben mit biefer Monarchie aber und ihrem Emporftreben batte er fein ganges Leben und Sein ibentificiet." Selbft fein Uebertritt jum Ratholicismus mag aus ber Gewohnheit entfprungen fein, fich dem Gangen unterzuordnen. Befcheiden und von angeborner bumanitat und Milbe, tannte er boch, wo ber Bortheil bes Staats ober ber 3med bes Arieges harte Magregeln zu fordern ichien, fo wenig Erbarmen wie Louvois. Es wurde erwahnt, welche Berwuftungen er über bie Rheinpfals verbangte. Un Turennes Stelle übernahm Conde den Oberbefehl über die Rheinarmee. Doch konnte er nicht berhindern, daß die Deutschen wieder auf das linke Ufer überfesten, fich in Lauterburg behaupteten und Philippsburg eroberten. Bon Gichtleiben geplagt nahm ber Bring bald darauf feinen Abschied und ftarb zehn Jahre fpater auf feinem Landgut Chantilly.

Bugleich gewann auch Rarl von Lothringen einige Bortheile im Relbe, Carl von Rach dem flegreichen Treffen bei Konz, am Einfluß der Saar in die Mosel, über Crequi brachte er Erier gur Uebergabe und führte ben Marichall felbst in Rriegs. 11. Ausgefangenschaft. Dit biefer ruhmlichen Baffenthat schieb ber alte Saubegen, ber fo oft bald als regierender Fürst, bald als Flüchtling unter der Fahne bes Reichs ober in ben fpanifcheofterreichischen Beeren gebient, bom Schauplat. Seines Brubers Sohn Rarl V., ber fich in ber Folge mit bes Raifers Schwester Leonore vermählte, war der Erbe feines Ramens, seiner Ansprüche und feines Saffes gegen Ludwig XIV., der ihm nicht blos sein Land vorenthielt, sondern ihm auch bei ber Bewerbung um bie Krone von Polen entgegengetreten mar.

Bie fein Obeim richtete auch Rarl V. feinen Sinn auf die Biebereroberung feines herzogthums, aber mit eben so wenig Erfolg. Der aus der Gefangenschaft befreite Stequi foling unter furchtbarer Berheerung der Landichaften an der Mofel und Saar,

ben Angriff bes Bothringers erfofgreich jurud und hielt bie Berrichaft Frantreichs aufrecht. 3a es gelang ibm fogar, die öfterreichische Stadt Freiburg im Breisgan, das Row. 1677. mobigefüllte Rriegsmagazin des faiferlichen heeres in feine Gewalt zu bringen.

Die logten Kriegsjahre.

Der hollandische Krieg war ein europäischer geworben, wobei Frankreich faft allein ben übrigen Mächten gegenüberstand. Und boch hat es fich an allen Orten gu behaupten gewußt und ju Baffer und ju Land manche Lorbeerm davongetragen. In den ficilischen Gemäffern bat Du Quesne der vereinigten bollandifch-fpanischen Flotte unter bem größten Geehelden ber Beit be Rupter in Jan. und zwei Geefchlachten, bei den Liparifchen Inseln und bei Catana im Angeficht bes Aetna, rühmlichen Biderftand geleistet, und bann, nachbem in ber letteren ber hollandische Admiral gefallen war, im Safen von Balermo einen Theil der feindlichen Schiffe in Brand gefett. Meffina und mehrere namhafte Orte fielen mit Bulfe der Aufständischen in die Gewalt der Franzosen, die sogar in Calabrien Sinfalle machten. In Randern, wo ber Ronig felbft wieder im Relbe erschien,

Apr. 1677. wurden Balenciennes, Cambrai und St. Omer erobert und vor der letten Stadt die nieberlandische Armee unter Dranien aufe Saupt geschlagen. Im folgenden Marg 1678, Frühjahr zwang der Marschall von humières sogar die wichtigen Städte Gent und Apern zur Ergebung. Damit ftanben bie Frangofen im Bergen ber fpanischen Rieberlande; man fprach fogar bavon, fie trachteten nach bem Befit bon Antwerpen. Auch am Rhein behaupteten fie ihre bortheilhaften Stellungen. Allein burch biefe friegerischen Unftrengungen maren bie Rrafte bes eigenen Reiches fo febr in Anspruch genommen worden, daß man auch in Paris auf eine Beendigung bes Rrieges benten mußte. Besonders brang Colbert auf Abschluß eines Friedens. Schon feit langerer Beit maren Bevollmachtigte ber friegführenden Staaten in Rommegen ju einem Friedenscongreß jufammengetreten; aber ba bie Ginen bas Eroberte behalten, die Andern bas Berlorne wieder erlangen wollten; fo hatten die Berhandlungen wenig Fortgang. Run fprach fich aber in England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fo ftart gegen die frangofische Bergrößerungefucht aus, daß König Rarl II. unmöglich bei seiner bisherigen zweideutigen Bolitik langer beharren konnte. Die großen Sahrgelber, die Ludwig XIV. bem ergebenen Berbundeten reichte, hatten es demfelben möglich gemacht, die Bitten bes Barlaments um ein Bundniß mit den Bereinigten Provinzen unerfüllt zu laffen; da er der Geldbewilligungen nicht fehr bedürftig war, fo konnte er durch Bertagungen und unbestimmte Bescheibe Sahr aus Jahr ein Die Berfarumlung binhalten. Die Eroberung von Gent und Apern aber, welche den Argwohn weckte, ber landergierige Rachbar habe es auf die Einverleibung ber spanischen Riederlande abaeleben, erzeugte in England eine folde Aufregung, bag ber Ronia bem Berlangen ber Ration nicht langer ju widerstehen magte, jumal feitbem fich

15. Now. Wilhelm von Oranien mit Maria, der Tochter des Herzogs von Bort vermablt hatte. Bir werden fpater Die politischen Runfte und Intriguen fennen lernen, welche bamale in London ine Bert gefett murben. Sie vermochten jedoch ber

öffenklichen Meinung keine andere Richtung zu geben. Roch bor ber Eröffnung eines neuen Parlaments ließ Karl II. durch seinen Gefandten im Haag ein Bund. 10. 3anniß mit den Generalstaaten unterzeichnen, durch welches sich die Betheiligten verpslichteten, mit aller Macht einen allgemeinen Frieden zu erwirken, und schiede englische Besatungsmannschaften nach Oftende und Brügge.

Run glaubte man auch in Paris dem von allen Seiten geforderten Frieden Abkommen mit Colland. nicht langer wibersteben au burfen. Rhig mußte aber bie frangofische Staats. funft die Gegner zu trennen, damit Ronig Ludwig als Gebieter auftreten konne. Es entging ihrem Scharfblid nicht, bag die Generalftande in Holland und ber Bring von Oranien nicht mehr fo einig seien, wie bor etlichen Jahren, daß bie Republicaner die Beforgnis begten, ber ehrgeizige Statthalter mochte feine burch den Rrieg und burch die englische Beirath erlangte Stellung gur Erweiterung feiner Amtogewalt, gur Erwerbung monarchischer Autorität benuten. In Diefe Spalte feste die frangöfische Diplomatie ihre Bebel ein. Die Bochmögenden herren von Amsterdam, in denen man die Beforgniß erregte, die donaftische Berbindung wurde dazu führen, bem Saufe Dranien die Souveranetat in den niederländischen Unionsstaaten zu verschaffen, wurden bewogen, einen aus ihrer Mitte behnfs einer Uebereinfunft in bas fonigliche Goflager ju Bettern bei Gent gu 10. 3uni schiden. Sie mablten zu dieser Miffion Beverningt, einen eifrigen Berfechter ber Friedenspolitit; und diefem versprach Ludwig in perfonticher Busanmentunft vortheilhafte Sandelsvertrage und bie Burudgabe von Maftricht an bie Republit und des Fürftenthums Orange an den Pringen, wenn die Generalstaaten bie Baffen niederlegen und bon ber Coalition gegen Frankreich fich losfagen wurden. Er gewährte ihnen eine Bebentzeit bis jum 12. August, mahrend welcher Brift die Baffen ruben follten. Um Mitternacht vor dem abgelaufenen Termin wurde der Friedens- und Sandelsvertrag in Ainsterdam unterzeichnet. Und brei Tage nachber fand noch einmal ein blutiges Busammentreffen awischen Dranien und bem Marichall von Lugemburg ftatt. Satte ber Bring dabei bie Abficht, bas ihm widerwärtige Abkommen zu vereiteln oder hatte er, wie er ben Rathspenfionar Fagel verficherte, von der Natification teine Kenntniß? Doch wurde ber Friedenstractat burch diefen Bwifchenfall nicht geftort. Rachbent die Genetale Friede von staaten fich vom Rriege gegen Frankreich losgesagt und ihre Berbundeten preis- 1679. gegeben batten, faben fich auch die übrigen Machte genothigt, die von Ludwig geftellten Bedingungen anzunehmen. Go tam benn ber allgemeine Nommeger Brieden jum Abschluß, der eben fo vortheilhaft für Frankreich und Golland als 5. Bebr. schmachvoll für den Raiser, das Reich und die anderen triegführenden Theile war. Der Ronig gab ben vereinigten Provinzen alle Eroberungen gurud, erhielt bagegen von Spanien die oft gewonnene und oft wieder guruderftattete burgunbijde Freigrafschaft und alle in ber Linie von Balenciennes, Conde, Maubenge liegenden festen Orte nebst Bpern und St. Omer. Damit erlangten die frango. fichen Grenzen ihre militarifche Festigkeit, mabrend die fpanischen Rieberlande

ohne allen Schut bem feindlichen Rachbar offen ftanden. Am ichlimmften tamen Die Deutschen weg. Nicht nur, daß Frankreich für das gurudgegebene Besatungs. recht von Philippsburg bie wichtige Stadt Freiburg im Breisgau nebft Umgegend behielt: ber Raifer und die Reichsfürsten mußten fich die größten Demuthigungen, Burudjepungen und Uebervortheilungen gefallen laffen. Um ju ben Berhandlungen zugelaffen zu werben, mußte Leopold, ber nm biefelbe Beit durch den gefährlichen ungarisch-türkischen Rrieg bedroht war, den verätherischen Bilhelm von Fürstenberg (S. 390.) auf freien Fuß fegen; bem Bergog Rarl V. von Lothringen, bem naben Bermanbten bes Raiferhaufes, ber in Defterreichs Rriegsbiensten fand, wurde fein Land unter fo entehrenden Bedingungen gurud. geftellt, bag er borgog, es noch langer in ben Sanben ber Frangofen gu laffen. Denn wenn die mabrend der frangoftichen Berrichaft ftart befestigte Sauptftadt Rancy nebst Longmy dem Ronig verbleiben und eine breite Beerftrage burch bas gange Land ben Beeren Frantreichs jederzeit offen fteben follte, wer mar bann ber eigentliche herr und Gebieter? Das argfte Unrecht und Die bitterfte Rrantung unter Allen aber erfuhr ber Aurfürft von Brandenburg, der größte Relbherr im heere ber Berbundeten, deshalb aber auch von Franfreich por Allen gehaßt. Der Minister Boniponne erklarte dem brandenburgischen Gefandten in St. Germain en Lape, es fei bes Ronigs bestimmter Bille, bag bie eroberten Landschaften und Stabte in Pommern ben Schweden gurudgegeben werden mußten. Lange weigerte fich Friedrich Bilbelm auf die fo ungerechte Forberung einzugeben : aber verlaffen von dem Raifer, ber feine Baffen gegen Ungarn tehren wollte und mit Gifersucht auf die wachsende Macht des nordlichen Staats blidte, und bedroht von einem frangofischen Beere, das unter dem Darfcall Crequi tampfbereit in Beftfalen ftand und ohne Zweifel bald Berbundete in Deutschland selbst gefunden haben murbe, mas blieb ihm da anderes übrig, als die mit fo vieler Anftrengung erworbenen pommerfchen Besitungen den Schweden wieder einzuraumen? Burnend fügte fich ber hochherzige Fürst in die Rothwen-29. Ral digfeit. Um 29. Mai unterzeichnete sein Gesandter in St. Germain den Rom-Die Borte Birgile, die er bei ber Ratification ausmeger Friedenstractat. fprach : "Moge aus meinen Gebeinen ein Racher entfteben, " blieben nicht unerfüllt.

# III. Frankreich im Innern.

1. Die monarchische Selbstherrlichkeit Ludwigs XIV. und der gof von Versaisles.

Industrie u. Colonien.

Seit bem Frieden von Rymwegen bis zum Ende des Jahrhunderts stand Frankreich auf dem Höhenpunkt seiner Macht nach Außen und seiner Blüthe nach Innen, so daß das Jahrhundert Ludwigs XIV. als das goldene Zeitalter der französischen Nation in den Annalen der schneichelnden Geschichte jener Tage gepriesen wird. "Man sah überall im allgemeinen Wohlstand des Reichs die herr-

lichften Früchte beffen mas Colbert gethan. Fabriten und Manufacturen waren innerhalb awangig Jahren gum Erstaunen emporgetominen, und mit ihnen ber große auswärtige Sandel, dem auch die außerordentliche Autorität des Rönigs in Europa ben ausgezeichnetften Bortbeil berschaffte. Frankreich war Seemacht geworden, es befaß hundert Linienschiffe, mabrend England nur sechzig batte; Die Safen von Breft und Toulon wurden in Stand gefest, Die Marine mit 60,000 . Seeleuten vermehrt. Alles ichien ju gedeihen, mas Ludwig unternehmen ließ." Der "tonigliche Canal" von Languedoc, beffen wir bereits Ermahnung gethan, (3.358.) wurde um diese Beit jum erstenmal beschifft, ein wunderbares Dentmal von Colbert's großartigem Sinn. Run tonnte die fcmeichelnde Dichtfunft ben Ronig als ben herrn von Land und Meer preisen und ausrufen : "die Berge wichen wenn er fprach". Marfeille und Toulon murben Sauptftapelplate bes levantischen Sandels; zu Bondichery entstand die erste französische Riederlaffung in Oftindien; die fcone und fruchtbare Infel Dascarenhas tam in den Befit ber Frangofen und erhielt ben Ramen Bourbon, auf Dadagascar murbe eine Riederlaffung gegrundet; burch die weftindische Compagnie murden Capenne und unter ben fleinen Antillen die Gilande Martinique, Guabeloupe, S. Barthelemi für Franfreich erworben und auf S. Domingo Buß gefaßt; Banbelsgefellichaf. ten, mit großen Rechten und Bortheilen ausgestattet, begunftigten die Unfiedelungen; Canada erhob fich burch fonigliche Unterftugung aus dem Buftande ber Canada. Schwäche und Gefährdung, feitdem Colbert Die Auswanderungen in jenes altfrangofifche Colonialgebiet ber Cartier und Champlain (XI, 494) als eine Sache der nationalen Chre forderte und das öffentliche Leben wie die friegerischen Unternehmungen gegen Irofesen und huronen unter die centrale Leitung der Berfailler Regierung ftellte. Das neue Franfreich an ben Geen Rorbameritas und im Stromgebiet des oberen Miffiffippi murbe nun bas Abbild bes alten : ritterliche Abenteurer und jesuitische Miffionare arbeiteten im Dienste bes Royalismus und ber tatholischen Rechtglaubigfeit; aber bie Selbftthatigfeit und bas verständige freie Birten bes Ginzelnen, worauf bas Gebeiben ber Pflanzungs. welt vorzugsweise beruht, litt unter ber fürftlichen Leitung Schaben: Die ropaliftijd-flerikale Romantik, die an dem Golf und Stromgebiet des beil. Laurentius ihren Gis aufschlug, tonnte in bem Lande ber Bilben teine lebensträftigen Schöpfungen erzeugen. Bahrend eifrige Diffionare bemuht maren, den Glauben an ben mahren Gott und zugleich ben Ruhm bes "großen Capitans ber Franzosen" in die unbefannten Lander zu tragen, murde zugleich jede reformirte Auffaffung bes Chriftenthums mit blutiger Strenge niedergehalten ober ausgerottet. Man hielt die Buchdruderfunft fern, man theilte ben Boden nach altfrangofischem Borbild in Seigneurien mit feudalen Herrenrechten, man bedeckte das Land mit Alöftern, man erhob Behnten und Berrengeld.

Bisher hatte Frankreich bas Meer und die überfeeische Belt den Bewoh. Die Marine. nern der beiden fudeuropaischen Salbinseln und ben Sollandern überlaffen; jest Du Queene.

erblidte Europa mit Erftaunen frangofische Galeeren und Sandelsichiffe auf allen Meeren, in allen Welttheilen; und nicht genug, daß die Feldherren der Landarmeen in strategischer Runft die erfte Stelle behaupteten, auch die Admirale Du Queene und Courville wetteiferten mit einem Tromp und be Rupter und machten auch in ber beweglichen Seewelt ben frangofischen Ramen geachtet und gefürchtet. Bon Du Queene fagte man, er freue fich bes aufgeregten Meeres und schreite auf ihm baber wie auf bem feften Lande. Bu feinen rubmlichsten Thaten geborte fein Rampf gegen die Berberesten. Bie einft Rarl V. fo fuchte auch Lubwig XIV. bas Mittelmeer von ben Corfaren ber nordafrikanischen 1681. Rufte zu faubern. Bu bem Bwed berfolgte ber Admiral flüchtige Tripolitaner bis in ben Safen von Chios, verfentte einen Theil ber Raubschiffe und ließ auf bie Stadt feuern, ohne fich durch ben berbeieilenden Capudan-Bafcha Ginhalt gebieten an laffen. Alle gefangenen Chriftensclaven mußten in Freiheit geset werben. Den Unwillen ber Pforte suchte Ludwig burch Geldgeschenke zu beschwichtigen. Die Regierung in Ronftantinopel unterbrudte ihren Unwillen, damit nicht Frantreich gemeine Sache mit Desterreich und ben andern gegen die Demanen verbun-1682. 88. beten Machten mache. In ben beiben folgenden Jahren, wahrend die Turfen ibren ungarischen Keldaug bis nach Bien ausbehnten, belagerte Du Quesne die alte Seerauberburg Algier, eröffnete ein wirtfames Feuer gegen bie Stabt und bie Magazine und zwang ben Deb zu einem für die frangofische Flagge ehrenvollen Bertrag. Much der Beberricher bon Tunis mußte bemfelben beitreten. Einige Jahre nachber genügte bas Erscheinen einer frangofischen Rlotte bor Cabig, um die fpanische Regierung gur Milberung ihrer Bollgefete zu bewegen. Durch die Berbindung mit der Pforte fuchte Frankreich ben Benetianern und Bollandern ben Levantischen Sandel zu entziehen.

Der fof von Berfailles

Alles vereinigte fich, um das monarchische Frankreich an bie Spipe ber Mittelpunkt europäischen Staatenfamilie zu erheben, ben Frangofen bas Selbstgefühl ber bes politie entoputigen Cantellien. Bie Ludwig XIV. an herrschergaben, gebieterischem ber boberen Befen und toniglichem Anftand bor allen Fürsten seiner Beit berborragte, fo maren feine Relbberren und Staatsmanner allen andern überlegen. Rünften der Diplomatie nahmen die französischen Gesandten und Unterhandler ben erften Rang ein; und wenn auch Turenne und Conde bom Schauplag abgetreten waren, fo ftanden noch immer Rabrer wie Crequi, Luxemburg, Cafingt, Schomberg, Bauban an ber Spige ber Beere, und Louvois mar auf militari. schem Gebiet ein eben fo fruchtbares Genie, wie Colbert auf administrativem. Freilich fiel es bem letteren mit jedem Sahr fcmerer, ben Staatshaushalt in Ordnung ju halten, die Mittel ju beschaffen, welche Lugus und Berichwendung im Innern, verbunden mit der Unterhaltung der heere und ben Subfidien und Jahrgelbern im Auslande in Anspruch nahmen. Denn Ludwig XIV. liebte es. fich überall als Ronig zu zeigen, mit freigebiger Sand Gulbigungen und Dienfie au belohnen. Der hof in Berfailles entfaltete eine bis babin noch nie gefebene

Bracht: ber hohe Abel brangte fich um ben Monarchen und in die Gale bes Schloffes und beugte fich unter die ftrengen Regeln der Etitette, womit bas Sofleben umgrenzt und abgemeffen war; die einfachen militarisch-ritterlichen Sitten bon ehebem verschwanden unter den glatten Formen eines verfeinerten gesellicaftlichen Berkehrs. Feste aller Art, Feuerwerte, Opern und Theater, wozu die erften Beifter Franfreichs ihre Talente in Bewegung festen, folgten in reigendem Bechfel auf einander; Dichter, Runftler und Gelehrte wetteiferten in Berberrlichung eines Fürften, ber alle Rrafte und Erzeugniffe, die ju feinem Rubme oder zu seinem Bergnugen beitrugen, mit freigebiger Sand belohnte und zu beffen Chrgeig es geborte, als Beforderer ber Biffenschaften und Runfte, als Freund der Mufen zu gelten. Einheimische und fremde Gelehrte und Dichter bezogen Jahrgelder; ftolge Baumerte, wie das Invalidenhaus, toftbare Bibliotheten, berrliche Drudwerte, großartige Anstalten fur naturwiffenschaftliche 3mede, Die Academie für Inschriften und ichone Literatur, gelehrte Bereine und Gesellschaf. ten für alle Zweige ber Runft erhöhten ben Glanz und Ruhm des großen Monarchen und forderten zugleich bas geistige Leben, die miffenschaftlichen Studien und die gesammte nationale Bildung. An die Grundung bes Observatoriums fnüpften fich die Fortschritte ber Aftronomie und Geographie, an die Einrichtung bes botanischen Gartens die Entwidelung der Naturgeschichte, selbst der Physiologie. Gine auf tonigliche Roften unternommene Forschungsreise nach Capenne, wozu Caffini, ber Entbeder ber Rotation ber Blaneten ben Unlag gab, forderte die Renntniß der Polarabplattung der Erde und ihrer spharoidischen Geftalt; ber Riederlander Chr. Sunghens, ber im Beifte Balilei's die Forfchungen über Mechanit und Optit weiter führte, mit Gulfe verbefferter Fernröhre die Lichtericheinungen genauer beobachtete und, indem er auf die Bedeutung der Bewegung und ber Luftschwingungen aufmertfam machte, ben Grund zu einer mathematis ichen Auffaffung ber Raturgefete legte, murbe an die Parifer Academie berufen. Die Malerei, die Architectur, die Bildnerei und alle zeichnenden Runfte nahmen durch die freigebige Unterftugung ber Regierung einen machtigen Aufschwung. Bir werben fpater bie Sterne tennen lernen, Die ben Runfthimmel im Beitalter Ludwigs XIV. zierten. Die Rorpphäen ber Literatur ichloffen fich perfonlich an den Ronig an, "in dem fie das Ideal eines Mannes und Fürften zu feben meinten". Er felbst hatte für Stil und correcten Ausbrud einen angebornen Sinn und fein Intereffe fur die Erzeugniffe ber Runft und Literatur trug mefentlich zu ber hoben Bluthe bei. Rach dem Tode des Kanglers Seguier übernahm Lubwig felbft bas Protectorat über die Academie, raumte ihr einen Plat im Louvre ein und gab ihr mancherlei Borrechte. Alle Rrafte und Salente beeiferten fich in seinen Dienst zu treten; des Ronigs Aufmerkfamteit, Beifall ober Bunft war bas allgemeine Biel aller Bestrebungen. "Die Beltgeschichte bat nur wenige Epochen, die fich in intellectueller und literarischer Cultur mit bem Glanze ber Beiten Ludwigs XIV. vergleichen ließen: nie hatte es in dem neueren Europa eine Entwidelung ber militärischen Macht zu Land und zur See, zu Angriff und Bertheidigung gegeben, wie die, welche bort im Rriege ju Stande gebracht, im Frieden erhalten murbe; noch niemals hatte ein einziger Bille über fo ausgebildete und augleich fo dienftbare Rrafte in abnlichem Umfang geboten." Aber indem diefer einzige Bille zur Richtschnur alles Bandelne erhoben murbe, ging ber allgemeine Rechtsbegriff, ging die Achtung vor den Rechten Anderer verloren. Diefe hingebung und hulbigung ber Nation mußte benn auch in bem Monarden Selbftgefühl, Eigenliebe und Stolz immer mehr fteigern; es galt ibm als felbftverftandlich, daß alle Beifter ihm bienten, daß fein Billen feinen Unterthanen ale Gefet galt, bat feine Berfon die Spite und ber Mittelpunkt bee monarchischen Staats fei. Ber batte jest an die Beigiehung ber Generalftanbe au ben öffentlichen Angelegenheiten benten wollen? Sollte man bie einheitliche Ordnung und Sarmonie burch bie Distone ftreitender Abgeordneten ftoren? Die Provinzialftande und die Parlamente, die fich in bestimmten Birtungetreifen bewegten, ichienen bollftanbig ju genugen, ben Befchluffen bes Ronigs und feines Rathes, welche die allgemeinen Intereffe des Staats darftellten, die rechtlichen Formen zu geben. Rein Bunder, daß der Egoismus bei Endwig XIV. auf den Sipfel getrieben warb, bag er alle Genuffe bes Lebens, beren fein gefunder fraftiger Rörper fähig mar, im reichften Dage einfog, ja bag er zugleich Borbild und Gefes für die gesammite gebildete und vornehme Belt, für ein gehobenes Dafein in ben boberen Befellschaftetreifen aufstellen wollte. Und fo fehr war nicht blos Frankreid sondern auch das Austand geblendet burch die Majestät und Berrlichkeit bet Monarchen und feiner Schöpfungen, bas man bas frangofifche Befen in allen & scheinungen bewunderte und nachahmte. Das Schloß und die mit Statuen, Fontanen, Baumalleen geschmudten Garten bon Berfailles galten als Dufter bes Geschmade für gang Europa. Die feine Geselligkeit und Urbanitat, ber gebilbete Con, die leichten gefälligen Manieren des Abels und der Soflente befiegten die Lander und Boller Europas weiter und dauernder als die Armeen. Frangofifche Moden, auf ber glanzvollen Ofterpromenade nach dem Rlofte Longchamps zur Schau gestellt, französi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wurden von nun an bas Gemeingut ber boberen Stunde; im diplomatischen Berkehr wie bi ben Sofen und in ber vornehmen Gesellschaft tam die französische Sprache mehr und mehr in Gebrauch. Und nicht nur die Bildung und die außere Glatte bet conventionellen Bertebre brangen in die boberen Rreife Europas ein, fonder auch die frangösische Beichtfertigkeit, Unfittlichkeit und Buhlerei. Bwar verlet Ludwig XIV. bei seinen zahlreichen Liebschaften und Mätressen nie ben Anstant aus dem Ange, die an feinem Bofe herrschende Galanterie bewahrte no immer einen Anftrich von ritterlichem Befen und comantischem Sinn, und hatte noch Berftandniß genug für Bahrheit und Ratur, daß er in dem naibm beutsch-berben Befen feiner Schwägerin, ber Lifelotte von ber Bfalz, bie co weibliche Tugend und Sittlichkeit erkannte und achtete; aber bald loderten fich de

Bande ber Bucht und Chrbarteit, und Buhlerinnen, wie die reigende Rotette Rinon de l'Enclos, die bis in ihr hohes Alter durch Geift, Annuth und Schonheit die Mannerwelt bezauberte, bereiteten das fittenlose Beitalter Ludwigs XV. vor.

Als die fanfte Lavalière gegen die Bormurfe ihres Gemiffens und gegen ben Die Damen Studel der Gifersucht Rube und Frieden bei den Carmeliterinnen suchte (S. 362), Lavalière. hatte eine bereits verheirathete hofdame, Frau von Montespan, die Liebe des Ronigs grau von gewonnen, die fie, eben fo fcon als geiftreich und anregend, viele Sahre ju erhalten vaftand. Den Liebeswerbungen Ludwigs Anfangs nur mit innerem Biderftreben udgebend, feste fie fich bann mit fühner Rudfichtslofigfett über bas Urtheil ber Belt weg, trug das Berhaltnis ju dem Ronig, dem fie mehrere Rinder gebar, offen gur Schau und zeigte sich gerne in Glanz und Herrlichkeit. Doch war sie nicht so tief in Sinnlichkeit und Beltluft verftrict, daß nicht bisweilen Regungen von Reue in ihrem herzen erwacht wären. Auch Ludwig war nicht frei von solchen Anwandlungen, die mabrend ber Sanfeniftifchen Bewegungen, wie wir bald erfahren werden, zeitweise die ganze vornehme Belt erfaßten. Dann folgte eine Trennung, die aber nicht von Dauer war. Mit ber Beit ertaltete jedoch die Liebe des Konigs für die Matreffe, wenn auch hre gefellschaftliche Stellung dadurch noch nicht erschüttert wurde. Selbst das neue Bahaltniß zu der schönen lebensluftigen Ducheffe de Fontanges, vermochte den Ginfluß Vontanges. der Frau von Montespan nicht gang ju brechen, ba die nur auf die Freuden der Belt bedachte neue Geliebte nach kurzem Glanze plötlich vom Tode weggerissen ward. Dagegen gewann um diefelbe Beit eine andere Dame von ganz andern Eigenschaften eine Stellung bei hofe, die bald alle übrigen weiblichen Rebenbuhler gurudbrangte, Frau bon Raintenon. - Françoise d'Aubigne, Entelin des in der Geschichte der Sugenotten Frau von fo rühmlich bekannten Geschichtschreibers und Rriegsmannes, war die Lochter eines wenig bemittelten Militarbeamten auf Martinique, nach deffen Tod fie in ihre helmath zurudtehrte. Bie ihre ganze Familie bekannte fie fich zu dem reformirten Glauben. Aber harte Schidfalsschläge, denen ihr junges Leben ausgeseht war, öffneten ihre phantasievolle, für die Kunst- und Prachtentfaltung des römischen Cultus besonders empfängliche Seile dem Katholicismus. Sie anderte die väterliche Religion, vielleicht nicht ganz ohne den Sintergedanken, das die von der Ungunft der Beit getroffene calvinische Religionsform dem Chrgeiz und dem Streben nach Große, wobon ihr Berg erfüllt mar, venig Ausficht öffne, und gab fich mit bem glubenden Gifer eines Renegaten der religiblen Undacht und der firchlichen Frommigfeit bin. Rach einiger Beit verheirathete fie ich mit dem schon etwas bejahrten verwachsenen Dichter Scarron, dem Gründer der franzöfischen Burleske, und gewann bald in dem Areise der geistreichen und wizigen Ranner, die fic um ihren Gatten zu versammeln pflegten, sowohl durch ihr Talent und ihre Bildung als burch ihre Schönheit eine hervorragende gefellschaftliche Stellung. Sie wurde auch der Frau von Montespan bekannt und diese empfahl fie nach Scarrons Lod dem Konig als Erzieherin ihres jungen Sohnes, des nachherigen Herzogs von Raine. Ludwig fand Anfangs wenig Gefallen an dem zurudhaltenden abgemeffenen Befen ber Dame; aber bald anderte fich dies: ihre feine Aufmerksamteit, ihr tattvolles Benehmen in ihrem Berufe wie in der Gefellschaft, ihre geiftreiche Unterhaltung, ihre immer gleich bleibende Sanftmuth und die eigenthumliche Sabe, "zugleich zu dienen und doch fich geltend zu machen" zogen ihn an; je mehr ihm die Launen und der unruhige Chreeiz ber Montespan oft laftig wurden, besto mehr fucte er die Gesellschaft der Erzieherin seines Sohnes in dem Gartenhause, das er ihr angewiesen. Er taufte für fie die Berricaft Maintenon und begrüßte fie felbft zuerft mit diesem Ramen, und als dem Dauphin bei feiner Bermahlung ein eigener hofhalt eingerichtet ward, murde

Frau bon Maintenon zur Chrendame ernannt. Sie erhielt eine befondere Bohnung im Schloffe zu Berfailles und flieg immer hober in ber Gunft und in dem Bertraum bes Monarchen. Dies fiel in die Beit, ju Anfang der achtziger Jahre, da Ludwig nach dem Tode der Fontanges seinem bisherigen Genußleben zu entfagen befchloß und anfing "an sein Seelenheil zu denten". Frau von Maintenon bestärtte ihn in diefer Richtung, fie murde feine "geiftliche Freundin" und nabrte feinen religiofen Gifer und feine from meinde Devotion. Die Montespan wurde nur noch hie und da bei hofe empfangen, aber niemals mehr allein, dagegen zeigte Ludwig feiner Gemablin wieder mehr Aufmerkfamteit. Es waren die letten froben Empfindungen der Ronigin Maria Therefia; am 30. Juli 1683 ging sie aus der Welt. Frau von Maintenon war drei Iahn älter als der Konig; bei dem vertraulichen Bertehr beider tonnte von dem Reize da Sinnlichkeit keine Rebe fein : "aber fie konnte noch immer als eine fcone Frau gelin, man bemertte es als eine ihrer Eigenschaften, das man nie eine Beranderung an ihr wahrnahm: indem fie dem Konig Tugend und Enthaltfamkeit predigte, wußte fie pu gleich fein Berg zu gewinnen, ihn volltommen einzunehmen". Dit feinem Tatte berftand fie es, außerliche Frommigkeit und Tugendubung mit einer gewiffen Coquetterie und abfichtlichen Gefallsucht zu verbinden; ihr Gifer für Betehrungen und Seelenrettungen den wir später kennen lernen werden, beruhte nicht allein auf innerer Ueberzeugung und Missionseiser, sondern auch auf der Berechnung, daß sie durch das Eingehen auf der Lieblingsgedanken des Ronigs fich beffen Reigung und Sympathie erhalten und be feftigen werde. Rach dem Tobe der Königin ging Ludwig mit dem Gebanten um, ba Bittwe des Dichters Scarron seine Sand zu reichen. Louvois flehte ihn auf den Knim an, das Borhaben nicht auszuführen. Seine Borftellungen vermochten wenigstens fe viel, daß die öffentliche Bermahlung unterblieb und nur eine "Gewiffensehe" geschloste ward. In nachtlicher Stunde wurde die Trauung vor wenigen Beugen burch ben Gu bischof Harlay von Paris vollzogen. Der König nahm den Cifer des Ministers "fil feinen Ruhm und feine Chre" nicht übel auf. Aber Frau von Maintenon bergich d ihm nie, daß er ihrem Chrgeis entgegen gearbeitet hatte. Auch der Minister ertrug d ungern, daß die wichtigften Angelegenheiten des Staats und der Politit in ihrer Gegan wart berathen wurden und der Ronig fie meiftens um ihre Reinung fragte. Bur bil Erziehung, der Frau von Maintenon ihre Erhöhung zu danken hatte, bewahrte fi fortwährend ein besonderes Intereffe. Sie hatte in St. Cor ein Institut für adeig Fraulein gegrundet; dafür wußte fie nun auch die Unterftugung des Konigs ju ge winnen. So entftand die Anftalt bon St. Cor, "eine Genoffenicaft mit einfacht Gelübden zur Erziehung unbeguterter Fraulein nach den Bedurfniffen ihres Stande gum Beruf ihres Lebens".

anb Colberts

Bu diesem blendenden Glanze des Hofes und der monarchischen Selbsthert Ausgang. schaft bildete die Belaftung des Boltes und die zunehmende Berwirrung in Staatshaushalt einen dunkeln hintergrund. Um die für die Rriege, für bil Subsidien, für die Berichwendung des Hofes nothigen Geldsummen zu beschaffen mußte Colbert ju Mitteln greifen, welche nicht verfehlen konnten fur die Land wirthschaft wie für die Induftrie und ben Sandel nachtheilige Birtungen herver aubringen. Bahrend des hollandifchen Rrieges wurde eine Stempeltare einge führt, worüber in mehreren Städten und Provinzen Boltsaufftande ausbrachen Bau und Bertauf des Tabats murde für ein Staatsmonopol erflart, jede Erem tion von der Beinfteuer, von Bollen und Auflagen für Lebensmittel aufgehoben, ber Jahrespacht fur die Boft erhobt, der Bertauf neugeschaffener Memter immer mehr ausgebeutet. Bu Anleiben, die nur zu einem boben Binsfuß (von achthalb Brocent) au erlangen waren, entichloß fich Colbert nicht leicht, um ben Staatscredit nicht zu schmachen; aber Louvois bewies dem Ronig, daß man auf diefe Beife am raicheften au Geld tommen tonne, und Ludwig, der bor allen Dingen volle Raffen wunschte, um in feiner Ausgabe gehindert zu sein, lieh bem Minister Gebor, gumal ba auch der Brafident des Parifer Parlaments Lamoignon austimmte. "Denn bahin vor allen Dingen gingen die national-ökonomischen Ueberzeugungen ber Beit, daß bas baare Beld fo reichlich wie möglich vorhanden und in fortwährendem Um. lauf bleiben muffe." Bur Berginfung ber Staatsschuld und zu ihrer allmähligen Tilgung mußten bann wieber neue Auflagen erfonnen werben. 3m Jahre 1675 melbete ber Bergog von Lesbiquières, Gouverneur des Dauphine an Colbert, daß der größte Theil der Ginwohner jener Proving mahrend bes Binters nur von Brod aus Gicheln und Burgeln gelebt, und jest febe man fie bas Gras ber Biefen und die Rinde der Baume effen. Der englische Philosoph Lode bemerkte mit Bermunderung auf einer Reise burch bas fübliche Frankreich in ben fiebenziger Jahren, daß große Streden Aderlandes ohne Anbau waren; man fagte ihm in Montpellier, daß der Pachtwerth der Felder wegen Berarmung des Bolles während der letten Jahre fich um die Salfte vermindert habe und daß die Sandwerter und Raufleute burch die Auflagen den größten Theil ihres Berdienftes einbuften; in Poitou fah er viele Saufer in Trummern liegen. Man hat der Berwaltung Colberts vorgeworfen, daß fie Fabriten und Manufacturen auf Roften bes Aderbaus begunftigt habe. Das Berbot ber Rornausfuhr, um bas Brod mobifeiler zu machen, habe ben Bewinn bes Felbbaues gemindert. Aber die Sauptichuld bes finanziellen Berfalls lag in der Berfcwendung bes Ronigs und in den Ausgaben für Rriegszwede, die eine unerschwingliche Steuerhohe noth. wendig machten. Die Ausgabe, die im Jahre 1670 fich auf 70 Millionen belief, ftieg im Sahre 1679 auf 131 Millionen. Und doch tonnte ber Minifter den immer mehr wachsenden Unsprüchen bes Monarchen auf die Dauer nicht genugen. Manche Anzeichen ließen in Colberts Seele Gebanken an die Moglichkeit ber toniglichen Ungnabe aufsteigen. Der Rummer barüber bat vielleicht seinen Sob beschleunigt. Er ftarb im September 1683, und fo verhaßt hatten bie Steuereditte feinen Ramen bei bein Bolte gemacht, daß feine Leiche durch militarifches Beleite gegen die beftig erregte Menge geschütt werden nußte.

Die Aufsicht über die königlichen Bauten ging darauf an Louvois über, der jett überhaupt als der erste Minister angesehen ward. Colbert's Bruder, der bei den Rhumweger Friedensverhandlungen und den darauf folgenden Reunionen sich besonders thätig erwiesen und des Königs Jufriedenheit erworben hatte, so wie des Ministers Sohn, der Marquis von Seignelai, der mit der Berwaltung der Marine betraut war, ein leutseliger freundlicher Herr, wußten sich durch die Gunst der Frau von Maintenon auch nach dem Tode des Familienhauptes in ihrer Stellung zu erhalten.

#### 2. Kirchliche Vorgange.

## a. Befuiten und Sanfeniften.

Sittenlehre

Bir haben fruber (XI, 27 ff.) in der Darlegung ber Grundfate und Praris ber Lefuiten, ber Jefuiten ben schlüpfrigen Beg angedeutet, auf welchem fich die Moral des Ordens bewegte. Das sittliche Trugspftem, deffen Reime und Burgeln wir dort tennen gelernt, war um die Mitte des fiebenzehnten Sahrhunderts zu seiner vollen Entfaltung ge-Seitbem die religiofen Dinge binter ber Bolitit ber Staaten gurudgetreten waren, hatten in der Gesellschaft Jesu die weltlichen Intereffen die Oberhand gewonnen, bie Macht und ber Reichthum bes Orbens ftanben als hauptziel im Borbergrund, wie eine große Sandelscompagnie trieb die Brüberfcaft Induftrie- und Bechfelgefcafte, den Collegien Bermögen zuguwenden, sei es Grundbesty oder Capitalien, war die vornehmfte Tendens der Orbensgenoffen. Die Folge war, daß die Jesuiten in ihren Lehren fich mehr der Richtung der Beit anbequemten und insbesondere in der Erklarung der Sunde eine febr lage Anficht aufstellten. Sunde fei eine freiwillige Abweichung von Gottes Gebot; diefe trete aber nur ein, wo volltommene Ginficht des Fehlers und die bestimmte Absicht ibn zu vollbringen vorhanden seien, außeres Thun ohne innere Buftimmung und Freiwilligkeit fei teine Bergebung. Diefe Casuistik führte zu einem Gewebe von Beuchelei und Sophifit. Die bedenklichen Lehren von dem Brobabilismus, wonach man in einem zweifelhaften oder zweideutigen Falle eben fo gut Die mahricheinlich faliche als die mahricheinlich mahre Bestimmung ergreifen burfe, Die Doctrinen von dem geiftigen Borbehalt und von der wenn auch in verhüllter Geftalt vorgetragenen Beiligung des Mittels burch ben 2wed, die uns fcon aus bem vorigen Bande bekannt find (XI, 31 f.), wurden jest mit immer größerer Rudfichtslofigkeit und Folgerichtigkeit ausgebildet und im Beichtftuhl, den die Jesuiten fast ausschließlich in Befit hatten, und bei der Absolution in Anwendung gebracht. Diese Grundfase machten bas 3och Chrifti febr leicht, gerftorten aber jeden fittlichen Salt.

Die Orbeft-

"Es mußte in ber tatholifchen Rirche bereits alles Leben erftorben gewesen fein. tion. Sanfen wenn fich gegen so berberbliche Doctrinen und die gesammte Entwidelung, die damit ausammenbing, nicht boch auch in diesem Moment eine Opposition hatte hervorthun follen". Sie that fich hervor und gewann bald eine machtige Berbreitung, als ber fromme und gelehrte Cornelius Sanfen aus holland, Brofeffor in Lowen bann Bifchof von Boern, der ichlaffen Jesuitenmoral fraftig entgegentrat und in seinem mit Liefe und Grundlichteit abgefaßten Buche "Augustinus", die alte ftrenge Lebre diefes Rirchenpaters, das nur der durch die Gnade Gottes von den fundhaften Trieben des Reifches erlofte und durch Glauben und Gottfeligkeit mit feinem Schopfer verfohnte und verbundene Geift in bas ewige Leben eingebe, ben Beitgenoffen von Reuem einschärfte. Der Berfaffer farb am 6. Dai 1638, noch ehe er fein Bert dem Drud jumenden tonnte; aber feine Junger und Anhanger gaben es unmittelbar nach feinem Tode in drei goliobanden beraus. Bas Jansenius durch Bort und Schrift lehrte, suchte fein Freund und Studiengenoffe Dubergier de Sauranne als Abt von St. Coran burch ftrenge Ascefe praftifch zu bethätigen. Innere Umwandlung und Befreiung der Seele von ben Banden bes durch die Begierden befledten Fleisches erschien beiden als Fundament driftlicher Befinnung und driftlichen Lebens gegenüber ben außerlichen Rirchenwerken, burch beren Uebung die Jesuiten fich mit Gott abzufinden, das driftliche Gewiffen ju beruhigen fuchten. St. Chran, wie der Abt gewöhnlich genannt ward, fand die Bonitenzordnung ber Rirche ungenügend : man horte ihn wohl fagen, "Die Rirche fei in ihrem Anfang reiner gewesen, wie Bache naber an der Quelle; gar manche Bahrheit des Cbangeliums

fei jest verbunkeit." Es war eine abnitche Bewegung im Schoofe der tatholifden Rirche wie jur Beit ber Reformation, ein Antampfen driftlicher Glaubenstiefe gegen religiofe Berauferfichung. Die uralte Lebre von Onade und freiem Billen, die feit Jahrhunberten die chriftliche Belt in Bewegung gefest (IV, 589. X. 432) ergriff noch einmal die Gemuther der Glaubigen. Die Lehre, nur der bon Gott gewirtte Geift, durch die Gnade aus ben Teffeln der Begierben erlöft und in die gottliche Liebe eingepflangt, gebe dem Billen des Menichen die beiligende Rraft, daß er in der Anechtschaft Gottes bie mahre Freiheit findend, Bohlgefallen habe am Guten und unaufhörlich danach ftrebe, erfüllte alle für religiofe Babrheit und Innerlichteit empfanglichen Seelen mit Begeifterung. Richellen und Pater Joseph fanden St. Chrans Auftreten bedentlich fur Die Einheit ber Rtrche; er mußte baber mehrere Jahre in Gefangenschaft leben; aber der Einfluß bes "Johannes im Rerter" wurde baburch nicht gehemmit : "feine Schuler gingen wie junge Abler unter feinen Hügeln hervor". Giner derfelben war Anton Arnauld, Bortrobal ber Sprofling einer alten gum Ratholicismus befehrten gugenottenfamilie aus der feniemus. Anberane, in welcher ber Rampf gegen ben Sejuitismus gleichfam erblich mar. Diefer trat fast gleichzettig mit Jansenius in einer Schrift "über die haufige Communion" der außerlich-mechanischen Auffaffung ber Sefuiten bon Bufe, Beichte und Abfolution entgegen. Die auf Erwedung des religiofen Gefühls und eines innerlichen Christenthums gerichteten Anfichten der beiden Manner gewannen viele Anhanger in dem Frauenklofter Bortropal in Baris und in dem damit verbundenen Ginfiedelerberein in der Rabe der Stadt, einer Stiftung St. Cyrans. Es waren besonders die gablreichen Blieber und Berwandten der Familie Arnauld, die Mutter mit Löchtern und Enkelinnen, vor Allen Untons Schwester Angelica, Mebtiffin bes Rlofters, der Reffe Le Maitre, ein gefeierter Parlamenteredner mit vier Brudern, welche fich diefer Richtung religiöfer Bertiefung Angezogen von ihrem Beispiel und fittlichen Ernst schlossen fich bald viele Gleichgefinnte an. Manner und Frauen, benen bas Rirchenwefen, wie es in ber Birt. lichtet bestand, nicht genügte, die fic durch Umwandlung des Inneren die Gnade Gottes und bas ewige Beben erwerben wollten, wandten fic ber Ginfamteit bon Bortropal gu. Sie führten ein freiwilliges, burch teine Berpflichtung gufammengehaltenes Rlofterleben mit religiöfen Uebungen, unterbrochen burch landliche Arbeiten, durch Geschäfte des Sandwerts, durch literarifche Thatigfeit, durch Unterricht in einer von ihnen begrundeten Schule. Bon Jahr zu Jahr mehrte fich die Bahl und das Ansehen der Janseniften; die geiftreichsten und wisigften Schriftfteller Frankreichs gehörten au der Genoffenschaft von Portropal des Champs; fie bildeten eine Art von Afademie, welche fich durch vielseitige literarische Arbeiten religiösen und wissenschaftlichen Inhalts hervorthat, Arbeiten die durch ihre populare Form und Sprache, burch ihre mit Grundlichkeit verbundene Rlarheit und Berständlichkeit fich weite Areise erschlossen, in Schule und Saus eindrangen und wefentlich ju der schriftftellerifchen Bluthe und Bildung der Beit beitrugen. Gingen doch Geister von fo eminenter Biffenschaftlichkeit wie Baseal, Rorpphaen ber frango. fichen Poefie wie Racine, Gelehrte von den umfaffendsten Studien wie der Siftoriler Lillemont, aus ihrer Mitte hervor. Bie in den erften Regungen der Reformation in Frankreich war auch in dem Jansenismus eine mpftische und praktische Tendenz verbunden. Seine Anhanger bildeten eine pietiftifch-ascetische Partei innerhalb der tatholifchfrangofifden Belt; aber fie hielten fich auf bem Boben des restaurirten Ratholicismus mit seinen Dogmen und Diensten, mit seiner hierarchie und seinem Rlosterleben; ihre reformatorifden Befrebungen gingen nicht auf die Beil. Schrift und das apostolische Beitalter jurud, fie verwarfen weber bie Erabition ber alteren Rirchenvater noch das Papfthum; fie lebten bes Glaubens, "daß die erscheinende Kirche trop momentaner Berdunkelung und Berunftaltung doch Cines Geiftes, ja Cines Leibes mit Chrifto fei".

Balb suchten die Glieder der angesehenften Abelsfamilien, die Schwester und der Bruder des Pringen von Conbe und viele Manner und Frauen aus ben erften Areisen ber Gefellschaft in den geweihten Raumen von Portropal Schut und heilung wider die Sundhaftigfeit der Belt. Es war ein Rudfolag gegen das leichtfertige Leben mabrend der Fronde. "Denn amifchen frivolem Genus und religiofer Burudgezogenheit bewegte fich nun einmal diefe Belt."

Der Banfe

Die Janseniften traten bem berrichenben Rirdenthum au fcarf entgegen und nabnismus und bas Bapft, men durch ihr geiftiges, fittliches und literarisches Leben und Berhalten eine zu bedeutende thum. Stellung ein, als baß fie nicht balb von verschiedenen Seiten hatten Anfechtungen erfahren follen. Besonders eifrig erhoben fich die Jefuiten gegen die "Barteiganger ber Gnabe". Richt nur bas fie in polemischen Berten ben entgegengesetten Standpuntt geltend machten und die Rothwendigfeit einer freien Selbftbestimmung fo lebhaft betonten, daß barüber die Ibee ber gottlichen Gnade gang in den Sintergrund gebrangt ward, fie erhoben auch Rlage gegen Janfen's Bert bei dem papfilichen Stuble. Gie fürchteten, die Janseniftischen Anfichten, die fcon bei dem frangofischen Rlerus Singang gefunden, für die fich das Parifer Barlament ausgesprochen, möchten weiter um fich greifen, wenn ihnen nicht burch die Autoritat der Rirche Ginhalt geboten murbe. Bu bem 3med legten fie ber Curie funf Gate aus Janfen's "Muguftinus" bor, in benen fie Biberfpruche gegen die herrichende Rirchenlehre ju finden glaubten. Die Congregation, Die zu beren Brufung in Rom niedergefest murbe, mar verschiedener Deinung, Doch er-Marte fich die Mehrheit fur die Berwerfung. Bapft Innoceng X. fcmantte; er vermied gern enticheibende Ausspruche. Allein Karbinal Chigi, ber gegen bas Buch einen Biderwillen gefaßt hatte, brachte es durch feinen Cinflus dabin, das eine Bulle jene fünf

1. Juni 1668. Sage als "tegerifc, blasphemifc, fluchbeladen" erklarte. Er hatte vornehmlich auf eine Stelle bingewiesen, welche die papftliche Unfehlbarteit in Frage gu ftellen fcbien. Gin Ausspruch des Rirchenvaters über den Stand der Unschuld war bon dem romischen hofe verdammt worden. Dennoch hatte Jansenius bas Dogma wieder vorgetragen und ju feiner Rechtfertigung beigefügt, "ber papftliche Stuhl verdamme juweilen eine Lebre blos um des Friedens willen, ohne fie barum gleich für falfch ertlaren zu wollen". Darin wurde eine Berabfegung des apostolischen Ansehens des firchlichen Oberhauptes gefunden. Der tonigliche Sof in Paris, damals noch unter Majarins Leitung war ben Sanfenisten abgeneigt, weil fie fur ben Rarbinal von Ret in feinen Unspruchen auf ben erzbischöflichen Stuhl Bartei nahmen. Man fab in ihnen eine "geiftliche Fronde". Daber murde die Bulle durch die "Sofbischofe" mit Bulle der Icfuiten rafch in Frantreich verbreitet. Run aber behaupteten bie Gelehrten von Bortrobal, bas bie fünf Sage in der angeführten Beife fich in Janfen's Schrift gar nicht vorfanden, jedenfalls nicht in dem Sinne bon bem Berfaffer gefdrieben feien, in welchem fie ber Bapft verdammt habe. Darüber ging Innoceng X. aus der Belt, und derfelbe Cardinal Chigi, welcher am eifrigsten die Berdammung betrieben hatte, bestieg als Alexander VII. ben papftlichen Stuhl. Diefer erflarte auf die Ginwendung : "die funf Sage feien allerdings aus dem Buche Janfens gezogen und in dem Sinne deffelben verurtheilt morden". Damit erhielt der Streit eine neue Richtung ; jest erklarten die Genoffen von Portropal und vier Bifcofe, die papftliche Unfehlbarteit tonne fich doch nur auf Glaubenslehren, nicht auf Thatfachen erftreden. Ueber eine rein faktische Frage (la question de fait) konne die Rirche nicht mit boberer Autorität entscheiden als die Biffenfchaft. Bergebens fuchte bie Regierung und ber Erzbifchof Barefige bon Baris die Berdammungebulle in dem papftlichen Sinne jur Anertennung ju bringen, indem fie allen geiftlichen Berfonen und Lehrern Formulare jur Unterfchrift borlegten, wie einft in ben lutherifden Landern Deutschlands bei Gelegenheit der Concordienformel:

die Jansenisten ftraubten fich nicht die fünf Sape, die von dem Papft als Irrlebren erflart worben, and ihrerfeits zu verdammen; nur wollten fie nicht durch ihre unbedingte Unterschrift zugestehen, daß fie in Jansenius enthalten, daß dies die Lehren ihres Meifters feien. In einem Briefe an eine Berfon bon Stande" erflatte Arnauld. Gewiffenshalber tonnten fie nicht ein Buch für irrig erflaren wegen einiger Lebrfage, bie fie nicht barin fanden. Für jenen Thatbeftand tonnten fie nur die Unterwerfung "eines chrfurchtsvollen Stillfdweigens" beobachten. Aber die große Theilnahme, welche die Sache bei allen Ständen fand, gab ihnen auch den Muth, diefes Schweigen zu brechen. Die geiftreichen Manner bes Bortropal, bor allen der als Philosoph und Mathematiter ausgezeichnete Blaise Bascal, erhoben eine fcarfe Bolemit, worin fie nicht nur die Sophifilt der Befuiten und den firchlichen Lichtfinn in ihrer gangen Blobe enthullten, fondern selbst gegen die papftliche Autorität sich auf die hohere Macht Sottes, wie fie fich in der Beil. Schrift offenbare, beriefen. Bascals "Provingialbriefe", querft in einzelnen Mug- Bascals provingials blattern geheimnisvoll auftauchend, dann zu einem Buch gefammelt, machten felbft dem briefe. Auntius Sorge. Das Buch, in welchem die Casuistik und die sittenberderbenden Lehren der Besuiten, ihre bequeme Frommigkeit und schlaffe Beichtmoral mit Ironie und Spott in wisigem gewandten Bortrage bargelegt find, und zugleich in tiefen Gedankenbligen die Babrheit des Chriftenthums fur die nach bem gottlichen Rathichlus fic Sehnenden gegen eine Belt voll 3weifel und Biberfprüchen flegreich verfochten wirb, begrundete eine neue Mera der Profaliteratur Frankreichs. Es mar der fcarffte Pfeil, ber bis dabin gegen ben machtigen Orben gerichtet worben.

Lange widerftanden die Janfenisten von Portropal allen Berfugen, fie mit Strenge Beilegung und Bewiffensamang jum unbedingten Behorfam ju bringen; die Ronnen bes Rlofters ließen fich bon dem Erzbifchof, ihrem geiftlichen haupte, lieber vom Abendmahl ausfolieben, lieber aus den beiligen Raumen verweifen, als daß fie gegen ihre Uebergengung und ihr religiofes Bewußtfein die ihnen bargebotene Betenntnisschrift unterzeichnet hatten. Endlich wurde unter Bapft Clemens IX., einem milben friedliebenden herrn durch Bermittelung des Ronigs, der Bergogin bon Longueville und einiger Bischofe eine milbere form der Unterwerfung aufgestellt, welcher auch die Sanfenisten beitreten tonnten. Die Curie begnügte fich mit einer Berbammung der fünf Sate im Allgemeinen, ohne darauf zu bestehen, daß fie von Jansenius wirklich gelehrt worden feien. Auf Grund diefes Compromiffes wurde bann der "Rirchenfrieden" abgefchloffen, den der 28. @ König mit fo viel Selbstaufriedenheit als sein eigenes Wert ansah. Die mabrend des Streites von Jefuiten und Ultramontanen aufgestellte Behauptung, "der Papft fei auch in Fragen über Thatfachen unfehlbar, denn von dem gottlichen Stifter der Religion fei die ihm eingeborne Infallibilität auf den Beil. Betrus und deffen Rachfolger übertragen worden, ber religiofe Glaube felbit rechtfertige baber die Annahme, daß bie verdammten Propositionen von Jansenius in der That behauptet worden seien", wurde somit von der Curie selbst aufgegeben, das Dogma von der absoluten Autorität der papftlichen Gewalt eingeschrankt. Die Jansenisten durften fortbestehen ohne mit der Rirche zu zerfallen. Sie hielten nach wie vor an der Lehre von der wirkfamen Gnade feft und gewannen burch ihre literarifche Thatigkeit immer mehr Unfeben und Bedeutung bei der Ration. Der Uebertritt von Turenne zu der katholifchen Rirche wurde dem Ginfluß Jansenistischer Schriften jugeschrieben. Der Ronig selbft munterte Arnauld auf, feine "goldene Feder" im Dienfte der Religion und Babrheit zu gebrauchen. Die Schriften des Portropal, ausgezeichnet durch Rlarheit und Scharfe des Dentens, und im reinsten Stile des gebildeten Frankreich geschrieben, wurden Mufter der frangofischen Profa und ihre Lehrbucher über Grammatit, Rhetorit, Logit und Mathematit hatten bedeutenden und bleibenden Berth. Um die Birtungen der Jansenistischen Lehren abzu-

schwächen, begünstigten die Iefuiten die sinnlich-sentimentale Auffassung driftlicher Borftelungen. Am 16. Juni 1675 hatte eine Konne in dem neugegründeten Kloster Parahle-Monial, Maria Alacoque, eine Biston: Jesus Christus erschien ihr persönlich und zeigte ihr sein heiliges Herz, womit er die Menschen so sehr geliebt, ja er besahl der Ronne, ihr Herz in das seinige zu legen. Dies gab dem Cultus des "heiligen Gerzens Jesu", die Entstehung, der zwei Jahrhunderte später, als die Zesuiten Papst und Airche beherrschten, eine so denonstrative Bedeutung durch Wallsahrten und Bundererscheinungen in Frankreich erlangen sollte.

## b. Ludwig XIV. und ber papftliche Stuhl.

König und Parft.

Diefer Ausgang bes Streits mit dem papftlichen Stuhl mar geeignet die autofratischen Ansprüche und Tendenzen in Ludwig XIV, au fteigern: rudfichtelofe Machtherrichaft, die er in den fiebenziger und achtziger Sahren gegenüber ben Fürften und Staaten Europa's an Tag legte, glaubte er auch im Junern gegenüber dem Alerus, ber papstlichen Jurisdiction und ben Sugenotten fich gestatten zu burfen. Bie in bem Streit gegen ben Jansenismus ber jesuitische Beift auf die Entscheidung ber romischen Curie einwirkte, so ließ fich auch ber Ginfing bes Orbens in ber firchenpolitischen Saltung bes papftlichen Stubles ertennen. Es war ganz im Sinne ber Gesellschaft Jesu, wenn Urban VIII. und feine nachsten Rachfolger bie jurisbirtionellen Gerechtfame bes firchlichen Dberhauptes in den Beziehungen zu ber mehr und mehr hervortretenden fürftlichen Selbitberrlichfeit nachbrudlicher mabrnahmen und zur Geltung zu bringen fuch. ten. In biefem Streben bes Pontificats, bas zu ben absolutiftischen Ibeen bes frangöfischen Monarchen in fchroffem Gegenfat ftanb, lagen Reime ju unbermeidlichen Conflitten zwischen ben Bofen von Rom und Berfailles verborgen. Benn Papft Alexander VII. Unmuth und Berdruß empfand, daß die politischen Dinge ohne seine Mitwirtung fich vollzogen, ber phrenaische Friede ohne Bugiebung eines papftlichen Bevollmächtigten jum Abichluß geführt marb; fo bemertte Ludwig XIV. und sein Conseil mit nicht minder Berdruß und Aerger, daß Clemens IX. und X. mehr Sympathien für bie Babsburger als für Frantreich zeigten, in den friegerischen Berwidelungen Spaniens gegen Bortugal wie gegen bas frangofische Reich jener Macht ihren geistlichen Beiftand lieben, ihre mobiwollende Gefinnung bethatigten. Ludwigs XIV. Anhanglichkeit an die katholifchen Sahungen und feine außerliche Rirchlichlichteit hielten ihn daber nicht ab, bem papftlichen Bofe gegenüber eben fo feine rudfichtelofe Selbftberrichaft geltend au machen, wie gegen die weltlichen Fürsten. Bir wiffen, welche Demuthigungen fich icon Alexander batte gefallen laffen muffen (S. 364.). Aber noch icharfer entwidelten fich die Gegenfate als Innoceng XI. Obefcalchi, ein Pralat von Rraft, Umficht und Energie im Innern wie nach Außen, ben romischen Stuhl bestieg. Er nahm es übel auf, daß man in Frankreich bei jeder Belegenheit die Freiheiten und die Sonderstellung der gallicanischen Rirche betonte; daß ber Ronig, unterftust burch bie Devotion und hingebung des frangofischen Rlerus fowohl in das Airchennermögen als in die priesterlichen und bürgerlichen Rechte bes geistlichen Standes fich eigenmächtige Eingriffe geftattete, daß er die Belbfendungen nach Rom unter beschränkenbe Aufficht nahm.

Besonders heftig entbrannte der Streit wegen der Ausdehnung des Regal. Das tonigrechts bei erledigten Bisthumern über Provinzen, in benen daffelbe bisher nicht und bie Breigegolten. Bei diesen und andern Fragen standen die Sausenisten, zu deren Grund- gallicantlehren bie Unabhangigfeit ber geiftlichen Gewalt gehörte, wieber auf Seiten ber Curie, wodurch fie aufs Reue Bedrangniffe und Berfolgungen burch die Regierung auf fich berabzogen. Der jansenistisch gefinnte Bischof von Pamiers mußte eine Beitlang von Almofen leben, Arnauld fab fich jur Flucht nach ben Rieberlanden genothigt, wo er bis zu feinem Lobe (8. August 1694) lebte, unermud. lich beschäftigt, die höchsten Güter bes Menschen burch religiöse und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zu erforschen und zu erlautern; ber Minister Bomponne, ein gemäßigter Mann ber Jansenistischen Bartei, murbe aus bem Staatsbienft entlaffen. Der Bapft nahm fich ber frangofischen Rirche an; er richtete mehrere Dabnichreiben an ben Ronig, er mochte bie Rechte ber Rirche und bes Rlerus nicht antaften, fonft werde er bewirken, "bag die Quelle ber göttlichen Gnade über fein Reich vertrodne". Anstatt aber biefen Ermahnungen Gebor zu geben rief ber frangofifche Ronig, in ficherer Borausficht, bag bie Beiftlichkeit feines Reiches, die fich wahrend des Rrieges fo bereitwillig gezeigt, "bem bedürftigen und durftenden Gemeinwesen" durch eine namhafte Beifteuer zu Bulfe zu tommen, auch in biefen kirchlich-politischen Fragen zu ber Krone fteben murbe, ein Rational. concil aus frangofischen Pralaten aller Provingen in Paris gusammen, um über die Aufrechthaltung ber Freiheiten ber gallicanischen Rirche und die Ausführung ber zwischen ber Krone Frankreich und bem romischen Stuhle bestehenden Bertrage zu berathen und zu beschließen. Auf dieser Berfammlung, in welcher Bof- Rov. 1681 juet eine hervorragende Stellung behauptete, wurden die vier Artitel abgefaßt, 1682. die als Manifest der Autonomie der gallicanischen Rirche gegenüber dem romiiden Supremat angesehen und bon Ludwig zu einer Art bon Glaubensfagen, von spinbolischem Buch erhoben murben. In diefer "Declaration bes frangofiiden Clerus", welcher Ludwig burch ein eigenes Ebift Gesetzestraft verlieb, mar bie Unabbangigfeit ber weltlichen Dacht von ber geiftlichen, die Superioritat ber Concilien über bas Papftthum, die Rothwendigkeit ber Beiftimmung ber Rirche in allen geistlichen, der Beobachtung der Reichsgesete in allen weltlichen Fragen ausgesprochen. Rach biefen Beschluffen sollte in allen Schulen und Seminarien gelehrt werben, nur wer fie beschwor, tounte in ber juriftischen ober theologischen Facultat einen Grad erlangen. Die Bischofftühle wurden von dem König nur mit Anhangern ber Declaration besetzt. Die nationale Ibee, die fich in ber innigen Berbindung von Ronig, Clerus und Bolt tundgab, beberrichte auch bie frangofische Rirche und Beiftlichkeit.

Brantreich auf bem

Bapft Innocena XI. beharrte bei seinem Sinn: er weigerte fich ben Er-Weg jum nannten bie geiftliche Inveftitur zu ertheilen. "Die Gintunfte mochten fie genie-Ben, aber die Ordination empfingen fie nicht, einen geiftlichen Att des Episcopats durften fie nicht ausüben". Rach einigen Sahren gab es in Frankreich fünfunddreißig Bischofe ohne papftliche Bestätigung. Der frangofische Rlerus bielt faft ausschließlich zur Rrone, selbft ber Jefuitenorden trennte seine Sache diesmal von Rom, theils aus Opposition gegen die jansenistisch Gefinnten, theils aus Berrichsucht. Denn ber "Gewiffenerath" ober bas geiftliche Ministerium, von welchem hauptfächlich bie Befetzung der Pralaturen entschieden ward, ftand durch ben königlichen Beichtvater Bere la Chaise unter dem Ginfluß des Ordens. Das tatholische Frankreich schien auf bem Wege zu einem Schisma begriffen. Und gerade jest murben bie entscheibenden Schritte gethan, bas Ronigreich von ben letten Resten ber abweichenben Religions- und Cultusformen zu reinigen, welche burch bie calvinische Reformation in ben Tagen ber Bater begrundet worben, das Edift von Rantes, durch das einst Beinrich IV. ben religiösen und burgerlichen Frieden bergeftellt, aus ber Belt zu ichaffen. Bielleicht follte ber Gewaltstreich ben angftlichen Gewiffen bie Beruhigung geben, bag burch die vier Artitel die fatholische Rechtglanbigfeit feinen Schaben nehme.

# c. Aufhebung bes Chifts von Rantes und Sugenottenberfolgungen.

Lubw. XIV. und bie calbi

Roch war ber Streit zwischen bem Machtherrscher in Paris und bem tirchnifde Lebre. lichen Oberhaupt in Rom nicht ausgeglichen; noch schwebten neue Gewaltmaßregeln gegen Portropal und die Jansenisten in ber Luft; als ber schon lange vorbereitete Schlag der Bernichtung gegen die Bugenotten geführt ward. Das calvinische Befen mit feinen republikanischen Ibeen von gemeindlicher Gelbftregierung, mit seiner Sittenftrenge und Rirchengucht, mit seiner Richtung zu einem ernsten enthaltsamen Leben in separatistischer Abgeschloffenheit stand in grellem Gegensat zu ber monarchistisch-kirchlichen Uniformität, in ber fich nach Ludwigs Ibeen Reich und Nation bewegen follten, ju ber gangen Borftellungswelt, ben Anschauung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Formen, Die er seinem Beitalter aufpragen wollte. Daber mar er auch von Anfang feiner Regierung auf Mittel bedacht, bie hugenottische Glaubensgemeinschaft zu ber allgemeinen Rirche Frankreichs gurudguführen, Die tatholifche Ginbeit, welche Die Befenner ber "fogenannten reformirten" Confession unterbrachen und storten, wieder aufzurichten.

Der Ronia

Die Ereue und Ergebenheit, welche die hugenotten mabrend bes Rriege der Fronde Ongewoten, bewiesen, brachte ihnen im Anfang ber Regierung Ludwigs eine gunftigere Stellung. Das Chitt von Rantes murbe aufs Reue gemahrleiftet, die Strenge der Parlamente gemildert, der Bau neuer Kirchen gestattet. 3m 3. 1659 bewilligte Mazarin die Abhaltung einer Provinzialspnode, mas feit vielen Jahren nicht mehr geschehen mar. Man erlaubte ihnen den Butritt zu einigen Staats- und Communalamtern. ben Academien in Montauban, Sedan, Saumur wurde auch von protestantischen Theo-

logen die große Frage über die Gnade, welche das tatholische Frantreich in zwei Beerlager spaltete, in Cewagung gezogen; manche Sugenotten betheiligten sich an dem Aufschwung der Biff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Mehrere der angesehenften geldherren und Staatsmanner, wie Du Quefne, Schomberg, Rubigny gehorten der reformirten Rirche an. bunghens, der Theoretiter der Onnamit war Calvinift. Aber Rachficht und Tolerang gegen Ausnahmsftellungen lag nicht in Ludwigs Charafter. Als er feinen Frieden mit Renniones den Janfeniften gefchloffen, gedachte er auch die Reformirten wieder mit der Rirche ju berfohnen. Auf einer Spnode ju Charenton murde ihnen der Entwurf ju einer "Reunion" 1673. oprgelegt, auf Grund deffen fie gegen einige Bugeftandniffe (Accommodements) ihre religibse Sonderftellung aufgeben follten. Da erwachte aber in ben Abgeordneten das alts hugenottifche Bewußtfein mit neuer Starte. Sie trugen Bedenten durch Annahme neuer Formeln und Bestimmungen, die leicht von dem Bapfte umgestoßen werden tonnten, die Gultigfeit des Chifts bon Rantes in Frage ju ftellen. Die Reunion tam nicht ju Stande. Seitbem verfcarfte fich des Ronigs Abneigung gegen die Protestanten. Bei Borurtbeile der allgemeinen Loyalität, welche ihm die Nation entgegenbrachte, fand er es unerträg- mung. lich, "daß es in seinem Reiche eine Partei gab, welche die Religion, zu der er fich befannte, des Brethums gieb und von ihm gesondert die rechte Bahrheit zu besigen bermeinte." Bir wiffen, wie fehr ichon ju Richelieus Beiten biefer Gefichtspuntt hervorgehoben ward. Bu dieser Abneigung tam noch, das Ludwig der Ansicht war, zu einer vollendeten Monarchie fel Cinheit der Rirche eben fo nothwendig wie Cinheit des Staats. Bahrend des hollandischen Arieges zeigte sich, wie erwähnt, der französische Alerus sehr willfahrig, die Bedürfniffe des Staates durch einen betrachtlichen Geldbeitrag ju erleichtern. An die Bewilligung knupfte er die Bitte, der König möge die Regerei aus seinem Reiche ausrotten, dadurch werde er Gott am besten seinen Dank für die verliebenen Siege abtragen und nicht nur als Rriegsheld, sondern auch als Glaubensheros erscheinen. Dies machte auf Ludwig um fo größeren Gindrud, als er die Sugenotten im Berdacht hatte, fie begten mit ihren Glaubensgenoffen mehr Sympathie als mit ihren Landsleuten.

fie begten mit ihren Giauvensgenoffen megr Symputyte ale init igren Sunsociaten. Rach Gerftellung des Friedens murde daher eifrig ju dem Bert der Betehrung ge- rung orgaforitten. Die Geiftlichfeit mard ermahnt, an der Begrundung der firchlichen Ginheit nifier. aus allen Rraften mitzuwirken; die Glieder der Gefellschaft Befu empfahlen in Schriften die Mittel und Bege, welche am fichersten jum Biel ju führen schienen. Bir wissen, daß der Ronig von Beit zu Beit Anwandlungen von Reue über fein fundhaftes Leben hatte. Im 3. 1676 trennte er fich auf einige Beit von Madame de Montespan. Die Ratreffe trauerte und weinte bor den Altaren, der Ronig aber bestimmte als Suhne den dritten Theil seiner Privattaffe für die Bekehrung der Sugenotten. Belliffon, selbst ein Convertit, wurde mit der Berwaltung beguftragt. Run tam mehr Methode in die Arbeit. Am Hofe selbst erstaunte man über die Erfolge; und um Scheinconversionen Bu berhindern, ergingen fcmere Strafgefebe gegen "Rudfallige" und "Apoftaten" (1679). Bugleich wurde der Beschluß gefaßt, alle die Bege der Gewaltsamkeit, die das Coitt felbft offen gelaffen, gur Befchrantung bes reformirten Betenntniffes gu betreten : "Richts ju erlauben, mas in demfelben nicht ausdrudlich verheißen, Alles ju verbieten, mas darin nicht ausbrudlich erlaubt fei." Buerft wollte man den Freibrief allmablich zerfeben und dann wenn nur noch ein Schatten davon übrig mare, mit der Biderrufung bes Edictes dem heimtudifden und feindseligen Berfahren die Arone auffegen. Demaufolge raubte man den Sugenotten noch in demfelben Jahr den letten Reft ihrer politischen Sonderrechte, die getheilten Rammern, die fie fo lange gegen die Scheelfucht der Barlamente aufrecht erhalten hatten, "weil die Reubekehrten vor einem solchen Tribunal feine Gerechtigkeit zu erwarten hatten"; im nachsten Jahr (1680) erging eine Berordnung, durch welche jeder Uebertritt von der katholischen Rirche jur reformirten mit

harten Strafen belegt, jede gemifchte Che verboten war. Durch gezwungene und fophiftifche Deutungen des Chitts von Rantes und unter allerlei Bormanden verminderte man die Bahl der reformirten Rirchen, beschränkte ben Gottesbienft auf wenige Sauptorte und erschwerte oder verhinderte die Cultushandlungen. Ludwigs Anfalle von Reue und Andacht wurden flets die Quelle neuer Drangfale für die calvinifchen Reger, durch deren Bekehrung er seine Gunden zu fuhnen hoffte. Durch die Thatigkeit der Miffionare, ber Beamten, der Seiftlichkeit und Ordensleute füllten fich die Ramensliften ber Belehrten, fo bag der Rierus im Jahre 1680 am Schluffe feiner Berfammlung eine Dankfagung an ben Ronig richtete, "daß er ihnen bas Glud bereite, die Regerei unter feinen gustritten fterben ju feben." Gin Gewiffenszwang, mit Gewaltfamteit und Rechtsverachtung wie er taum jemals in der Sefchichte vorgetommen, wurde jest über bas reformirte Frantreich verhangt. Denn ber confessionelle Sas, in flaatliche Formen gefleibet und mit ftaatlicher Autoritat ausgeruftet, ift eine bergehrende glamme, welche die fcwerften heimsuchungen über ein Bolt bringt. 68 ift nicht unwahrschein-Colberts lich, wenn auch wenig verburgt, daß Colbert, der die Sugenotten als betriebfame, gewerbfleißige und wohlhabende Burger fchapte, trop feiner ftrengtatholifden Richtung, gewaltthatige Magregeln gu hintertreiben ober ju milbern gefucht. Die Reformirten hatten einen großen Untheil an der Berwaltung der Finangen, den Staatspachtungen, bem Anleibewefen; Die Fabriten und Manufacturen in Gifen, Leder, Seibe, Bolle waren großentheils in ihren Sanden; fle bermittelten ben Sandel mit Solland und England; fie zeichneten fich aus burch Thatigkeit, Boblftanb und Bilbung. Aber in ber nachften Umgebung bes Ronigs arbeiteten wirtfamere Rrafte fur bie Ausrottung Brau von ber Regerei. Reben bem toniglichen Beichtvater La Chaife, ber im "Gewiffenbrath" die erfte Stimme führte, hielt besonders grau bon Maintenon den Betebeungseifer Ludwigs mach. Bir haben diese mertwürdige Dame, die ihre religiofe Devetion und Tugendubung geschickt als Gebel ihres Chracizes und ihrer Bolitik zu benuten verstand, fcon fruber tennen gelernt. Seitdem die Montefpan bom Sofe entfernt lebte und bie Ronigin Maria geftorben war, gewann fie burch thre unbedingte Singebung und Uebereinflimmung mit Ludwigs Ratur ben größten Ginfluß auf alle Borgange in Staat und Rirche; und bor Allem find die ftrengen Magregeln jur Betehrung der Sugenotten in erfter Linie ihrem Belotismus jugufdreiben. Gegen ihre ebemaligen Glaubensgenoffen batte Frau bon Maintenon teine Schonung, tein Mitleid in ihrem Bergen. Und mußte fie, wenn fie milder gegen jene gewesen mare, nicht befürchten, bas man fie einer geheimen Louvols. hinneigung an den Glauben ihrer Jugend beschuldigen wurde? Auch Louvois war ein eifriger Fürsprecher energischer und durchgreifender Schritte; man muffe ben Erot und Sigenwillen ber hartnadigen und halbftarrigen Reger gewaltfam brechen. Run folgte Glaubenes eine Reihe drudender und drangfalboller Maßregeln, die den beabsichtigten Hauptschlag vorbereiteten. Man folos die hugenotten allmählich von Aemtern und Burben, von ben Bachtungen und Gemeindeftellen, ja von den Bunftrechten aus und begunftigte bie Betehrten; dadurch murben die Chrgeizigen verlodt; bei ber Eintreibung der Taille nahm man den Ratholischen ober Uebertretenden die Balfte der Laft ab und warf fie auf die Reformirten, "um dem Konig Seelen ju erwerben"; die Armen fuchte man burd Gelb ju gewinnen, bas aus Ludwigs Befehrungstaffe und aus ben milben Gaben bornehmer Frommen floß; und durch die Berfügung, bag ber Uebertritt Minderjabriger bis zu fieben Jahren berab gultig fet, öffnete man der Glaubenstyrannet ein weites Beld. Familien wurden getrennt, Rinder ihren Eltern entriffen und in der tatholischen Religion erzogen, die Beeberaufnahme eines reuigen Neubekehrten in die Gemeinschaft als Berbrechen mit Berluft der Rirche und Bertreibung des Beiftlichen beftraft. Sof,

Regierung und Rierus, an ber Spipe bes letteren ber ebenfo lieblofe und fanatifche

Maintenon.

als gelehrte und beredte Bifchof Boffnet von Meang, festen alle Mittel in Bewegung, um Frankreichs tirchliche Einheit zu begrunden. Mit den Ermahnungen ber Geiflichen "an ihre Bruber von der ealvinistischen Sereffion", abzulaffen von dem Schisma und jur nationalen Lirche gurudzufehren, maren Drohungen verbunden gegen diejenigen, die bartnadig bei ihren Brrthumern beharren murben. Go machtige Bebel tonnten nicht ohne Birtung bleiben. Der Abel brachte großentheils feinen Glauben und feine Eraditionen der hofgunft und dem Billen des Sonverans gum Opfer; unter dem geringen Bolte lief fich Mancher burch Gelb jum Befuche ber Deffe bewegen, mas die Befuiten, Fanatiter und Frommler zu taufchenben Beweifen für die leichte Ausführbarteit einer Kirchlichen Cinigung benutten; aber der wohlhabende Burgerftand, der Rern ber calvinifchen Confession, widerstand allen Lodungen. Bei ihm galt es fur eine Chrenfache, um teines Bortheils willen noch wegen irgend eines Berluftes die Religion ju wechseln. Auf einer geheimen Bufammentunft mehrerer Abgeordneten aus Banqueboc, der Dauphine und den Sevennen in Louloufe befolog man festanbalten an dem Juni 1883., Glauben ber Bater und Gott nach der alten Beife ju dienen wo und wie es gefchehen tonne. Ohne Baffen versammelten fie fich auf den Trummern ihrer Rirchen, um ju beten und Bufpfalmen ju fingen, oder erbrachen die Thuren von folden, die noch fanben aber verfchloffen waren. Diefer glaubenstreue ehrenfeste Burgerftand tonnte nur mit Gewalt bezwungen werden, und auch dazu war Louvois, ber feit bem Tobe Colberts (6. 405.) die entscheidende Stimme im Confell führte, feft entschloffen.

Schon im Jahre 1681 hatte ber Rriegsminifter bein harten und graufa. Die Dragomen Intendanten von Boiton, Marillac ein Reiterregiment jugefchick, um mittelft Einquartierung bie Befehrungen nachbrudlicher zu betreiben. Ginige Beit nachber brachte Foucault, Intendant von Bearn durch Richtersprüche und mitte. rifden Terrorismus bie fammflichen Rirchen in bem Beimathlanbe Beinrichs IV. ju Falle, ließ bann im Lande ber Behtlage Freubenfeuer anzunden und ein Tedeum anftimmen. Diefes Gewaltverfahren wurde balb weiter ausgebehnt und führte zu ben "Dragonaben", einer ber bemtelften Seiten in ber Leibensgeschichte ber Menfcheit. Der zwanzigjährige Baffenftillftand mit Solland und bem beutiden Reiche enthob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jeber Rudfichtnahme auf bas proteftantifche Ausland. Run glaubte Louvois durchgreifender ju Berte geben ju durfen, um die Reformirten, welche, wie man ben Ronig glauben machte, nur ans Trop und Sigenwilligfeit die Abfonderung aufrecht erhielten, jum Gehorfam und zur Unterwerfung zu zwingen. Bu bem Bwed wurden Reiter in die fublichen Landschaften an den Burenaen, ber Garonne und ber Rhone gesandt, welche bie gemischten Orte besetten und ihre Berberge in ben Bohnungen ber Sugenotten nahmen. Es ware ermubend und erfchitterns, alle bie Peinigungen, Die Gewaltthatigkeiten, die Trugtunfte aufzuzählen, womit man die Gewiffen bebrungte, Die beiligften Menschenrechte verlette, bie irbifche Boblfahrt und ben Brieben ber Seele vernichtete, bamit in Bulunft in Frankreich Gin Birte und Sine heerbe fein mochte. Generale und Intendanten vereinigten fich mit ben Missionaren zu dem Schreckenswerke der Thrannei und des Fanatismus, die ganze ungeheure Macht ber Monarchie legte fich aufs Belehren. Bu ber Dauphine, wo die Mithandelten in der Berzweiflung zu einem Att der Rothwehr gegeiffen,

hauften die Soldaten wie in Feindesland, robe Gewalt mit thierischer Luft vereinigend. Bald ichwand ber Boblftand ber gewerbsamen Burger, von beren Gut die roben Dragoner praften. Die Unthaten und Brutalitäten der "gespornten Bekehrer", die bas Saus bes Abtrunnigen verließen, um in doppelter Anaabl bei den Standhaften einzuruden, die für die ruchlosesten Sandlungen statt Beftrafungen Lobn ju erwarten batten und barum die emporenbften Schand. thaten verübten, wirften machtiger als die "golbene Berebfamteit" Belliffons, als alle Lodungen bes Sofes und alle Berführungen ber Priefter. Dan nahm es mit ben Uebertrittserflarungen nicht allzu genau; in Gupenne zeigten bie Liften in Rurzem 60000 Reubekehrte; in Languedoc machte ber Bergog von Roailles noch größere Eroberungen; in Poitou und Saintonge beugten fich die eingeschuch. terten Einwohner der Gewalt. Erot der furchtbaren Strafgesete gegen Auswanberungen entflohen Taufende bon Evangelischen ine Ausland, um auf fremder Erbe ihres Glaubens zu leben; Die Biderfpenftigen brachte man in ficheren Gemahrfam; in ben Rertern von Toulouse schmachteten zu gleicher Beit fechzig reformirte Prediger. Montpellier, Rinnes, Ufeg, Montauban, alle jene Stadte bes füblichen Frankreichs, wo Calvins Lehre am tiefften Burgel geschlägen, wurden zur Rudtehr in die tatholische Rirche gezwungen. Larochelle unterwarf fich binnen vier und zwanzig Stunden nach dem Einzug der Dragoner. Die Beit der Albigenfertriege mar aufs Reue über die blubende Landschaft bereingebrochen.

Aufhebung bes Ebifts

Die gludlichen Erfolge munterten auch in andern Gegenden gur Rachabvon Rantes, mung auf; bald glich Frankreich einem großen ummauerten Gehege, worin man auf die eingeschüchterten Sugenotten Jagd machte, wie auf das Bild bes Balbes. Die klerikale Bartei am hofe und in ber Regierung vernahm die Fortschritte der Belehrungen mit Frohloden; triumphirend legte fie dem Ronig die Liften vor, um ihn zu bewegen, burch die Biberrufung bes Chifts von Range bas glorreiche Bert ber religiofen Ginigung zu vollenden; in einer Sigung bes Bewiffensrathes mar bereits die große Menge ber Uebergetretenen als Rechtfertigungsgrund für die Aufbebung des Freibriefs angeführt worden : Ronig Seinrich IV. habe aus Beforgniß bor einem möglichen Burgerfrieg die Abgewichenen durch einen Onadenatt zufrieden stellen muffen; jest sei gegenüber der fleinen Bahl hartnadiger und verstodter Reger eine folde Rudficht nicht mehr nothwenbig. Es bedürfe nur bes flar ausgesprochenen Billens des Ronigs, bag er nur Eine Religion im Reiche bulben werbe, um bas fleine Sauflein fügsam ju machen. Der Tob Rarls II. von England, ber um diefe Beit eintrat, war dem Berfolgungespitem febr forderlich. Denn wie wenig auch der truptotatholiide Ronig bem protestantischen Glaubensbefenntniß geneigt sein mochte, bei den alten Beziehungen ber englischen Ration zu dem sudweftlichen Frankreich und inebesondere zu ben Sugenotten jener Gegend tonnte leicht von dorther eine Intervention zu Gunften der Glaubensgenoffen betrieben werden, welche Ronig Rarl II.

wohl taum batte gurudweisen tonnen; bagegen war von einem fo fanatischen Convertiten wie Jacob II. nach biefer Richtung bin nichts zu befürchten. Run burfte man am Sofe von Bhiteball eber auf Beiftimmung und Lob rechnen als auf Einsprache. Und so folgte benn ber lette entscheibende Schritt: bas Ebitt von Rantes wurde widerrufen. Der Rangler Letellier, der unerbittliche Beind 22. Dit. ber Reger, erlebte noch die Freude, bas Reichsfiegel beifugen zu konnen, es mar feine lette Amtshandlung. Das Barlament gab gerne feine zustimmende Sanction.

So febr war ber Ronig von ber Bahrheit ber Berichte überzeugt, daß in dem Das Revocas Acvocationseditt als Sauptmotiv hervorgehoben mar, "da der größte und beste Theil tionseditt. seiner reformirten Unterthanen ben tatholischen Glauben ergriffen hatte". In diesem berühmten Chitte, bas burch bie Mufbebung aller ju Gunften ber reformirten Rirche erlaffenen Berordnungen und Statute bem Spftem ber religiöfen Berfolgung ben icatif. fim Musbrud verlieh und die aufrichtigen Betenner des calvinifden Lehrbegriffs gur Bergweiflung trieb, mar ausgesprochen, daß in Butunft tein Gottesdienft und teine religiofe Sandlung, fei es öffentlich ober in Privathaufern, abweichend von den romifchfatholifden Satungen, borgenommen werden durften. Die Religionbubung der Reformirten follte verboten, ihre Rirchen niedergeriffen, ihre Schulen gefchloffen, ihre Brediger, fofern fie bem für ihren Uebertritt berheißenen Breis wiberftanben, des Landes verwiesen werben. Ein Inquifitionsgericht murbe nicht eingeführt, nach bem Gewiffen, nach dem Glauben im Bergen follte nicht geforscht werden; vielmehr wurde auch ferner den Andersglaubigen freier Sandel und Bandel zugeftanden; nur jede Rundgebung der religiöfen Ueberzeugung ward unterfagt; die tommenden Sefchlechter follten von dem Grauel ber Reperei unbefledt bleiben. Auswanderungen waren mit Galeerenstrafen und Bermögensconfiscationen verpont. Aber diese vermeintliche Milbe war nur ein Erugbild; die einquartirten Dragoner mußten balb auch die außerliche Conformitat mit der herrschenden Rirche zu erzwingen, auch die ftumme Opposition zu ftrafen und wie Louvois an Roailles fdrieb, burch größere Strenge ben thorichten Ruhm, Die letten Bekenner eines verbotenen Glaubens zu fein, auszutreiben. Auch die driftlich frommen Balbenfer in den Thalern von Biemont wurden von der fanatischen Berfolgungssucht des frangofischen Machthabers getroffen. Manche frangofische Flüchtlinge hatten in den abgeschiedenen Alpengegenden Schutz und Aufnahme gefunden. Da bewirkte die frangofiche Regierung, bas ber Bergog Bictor Amadeo bon Savopen bas Beifpiel bes benachbarten Monarchen nachahmte. Einheimische Bewaffnete, mit französischen Eruppen unter Catinat berftartt, trugen auch in die Bleden und Dorfer bes piemontefischen Berglandes, die schon so oft unter der religiofen Buth gelitten hatten, die Schreden ber Berfolgung. Die Cinwohner wurden niedergemacht, in Rerter und Banden gelegt, zur Auswanderung in die Schweiz genothigt. Ja felbft in die Balder von Canada ftredte, wie fruber ermabnt, ber religiofe ganatismus feinen ehernen Urm aus.

Rachdem ber entscheidende Schlag gefallen, trat es zu Tage, wie groß noch Birtungen. immer die Bahl ber Calviniften war, welche unter allen Drangsalen bem Glauben ihrer Bater treu blieben, wie falich und trugerisch bie Berichte ber Boffinge und Priefter gewefen. Run erft erreichte bie religible Berfolgung ihren Bobepunkt und verschmähte auch nicht die Mittel ber Inquisition im Innern, ber emporendsten Graufamkeit gegen Alle, die fich durch die Flucht der Gewiffenstyrannei zu entziehen fuchten. Berbiente und angesebene Manner, benen es nicht gelang,

Beber, Beltgefdichte. III.

unbemerkt über die Grenze zu entfommen, trauerten mit Retten beladen in finstern Rertern, die in Aurgem überfüllt maren, oder arbeiteten als Rubertnechte auf Galeeren. Aber trop aller Drohungen und Berbote trugen über 500,000 französische Calvinisten, die unter unglaublichen Beschwerden und Gefahren, bald au Schiff amischen Baarenballen, in dunkeln Räumen verftedt, balb au Lande, im Dickicht der Gebusche übernachtend, mit Sinterlassung ihrer Habe die Flucht bewerkstelligten, oft begunftigt durch die Gewinnfucht ber Bachter ober Seecapitäne, ihre Betriebsamteit, ihren Glauben und ihr Herz in das protestantische Ausland. Bie einft bie Braeliten, fo gerftreuten fich die Sugenotten über die gange Belt. Die Schweiz, die Rheinpfalz, Brandenburg, Solland und England boten ben Berfolgten ein-Afpl. Die Bevölkerung von Genf stieg fast auf die doppelte Bahl; in bem Londoner Stadttheil Spitalfield ließ fich eine gange Colonie frangöfischer Manufacturarbeiter nieber. Seitbem entwidelte fich baselbft eine felbftandige Glas- But- Papier-, ja sogar eine englische Seibenfabrication. Allem zeigten fich die Fürsten bes Sobenzollernschen Saufes bulbvoll und gnadig gegen die Flüchtlinge: ber Rurfürst von Brandenburg ließ bem Parifer Sof fein Erstaunen aussprechen, daß man ohne Rudficht auf die zwischen ihnen bestehende Freundschaft seine Glaubensgenoffen als Berbrecher behandle; er lub die Berfolgten in sein Land ein, ertheilte ihnen Rirchen und mancherlei Borrechte und gestattete ihnen, Colonien zu grunden mit Bredigern und Richtern ihres Boltes und ihrer Sprache: Ancillon, ber Sohn eines berühmten Beiftlichen von Det, hat die Geschichte diefer Riederlaffungen und gaftfreundlichen Aufnahme seiner Landsleute in jenen nördlichen Provinzen beschrieben. Bon ber Beit an erfuhr die turfürftliche Politit eine Bandlung. Die Berbindung mit Frantreich wurde aufgegeben und ber Bund mit bem Raifer erneuert. Auch Schomberg verließ sein siegreiches Banner in Ludwigs XIV. Armee; wir werben feine weiteren Lebensschickfale bis zu seinem Belbentob in Irland spater erfahren. In der Bfalz, in Frankfurt, in Beffen und Braunschweig fanden Tausende bon Refugie's Bufluchtsorte und Bertftatten fur ihre Thatigfeit. Ihre Bildung, ihre Industrie, ihre geistige Rührigfeit blieben nicht ohne Ginfluß auf die Cultur ber Bolfer, ju benen fie fich geflüchtet. Dagegen erlitt in Frankreich ber Boblftand und die beneibete Bluthe ber sublichen ganbichaften einen beftigen Stof. Die Seidenwebereien und die Runft des Strumpfwirtens wurden durch die Finchtlinge bem Auslande mitgetheilt; fechzig Millionen Rapital wanderten in andere Länder; calvinische Schriftsteller richteten von den Rieberlanden aus ihre Febern gegen Frankreich und calvinische Krieger traten beim Wieberausbruch bes Krieges in die Reihen der Reinde. Man hatte vergeffen, "das die Ordnung der Belt auf moralischen Gesetten berubt, die noch niemals übertreten worden find, ohne die Rache auf das Saupt beffen berabzugieben, der fie übertritt". Schmeichler priesen den Ronig als Bertilger ber Regerei, ein Dichter von Ruf machte das Ereigniß jum Gegenstand eines Gelbengebichts; man reihte bas Bert ber firch.

liden Ginigung und die Rudführung des tatholischen Cultus in das Strafburger Münfter unter bie Großthaten ber Geschichte, gegen welche die Berdienfte, die fich das Haus Desterreich durch den gleichzeitigen Kampf wider die Osmanen um die Chriftenheit erworben, weit in Schatten traten, aber die Taufende bon hugenotten, die sich mit stiller Hausandacht begnügten, die Menge der Converfirten, die trot ber Argusaugen der priefterlichen Spaber und Sptophanten unter auferer Berhullung ben Glauben ihrer Jugend bewahrten, ber Belbenmuth ber Bauern in den Sevennen bewiesen, wie wenig ber Religionsbrud bem gehofften Biele, firchlicher Uniformitat zuführte. Claude Brouffon und andere begeisterte Brediger suchten durch Sendschreiben und Wandermissionen die schlummernden und balberftorbenen Glieder der reformirten Rirche zu weden, zu beleben, zu verinigen, ftets von Gefahren des Todes umgeben. Brouffon, auf beffen Ropf Baville, ber fanatische Intendant ber Langueboc einen Preis von 10,000 Livres alest, wurde gefangen und ftarb als Blutzeuge in Montpellier auf dem Schaffot, 4. 91.00. 1698. aber die "Rirchen der Bufte" erhielten fich. In gahlreichen Familien wurde die alvinifche Religionslehre im Stillen von Gefchlecht zu Geschlecht fortgepflanzt, bis eine milbere Beit und humanere Anschauungen ihnen gestatteten, fich wieder öffentlich als Protestanten zu befennen. Der Rudfchlag ber Glaubenstprannei auf die frangofische Rirche blieb nicht aus. "Geheuchelter Formelglaube, gur Shau getragene Rirchlichkeit war die nachfte Folge ber Biberrufung bes Ebitts bon Rantes, und sie bauerte so lange als Ludwigs Augen offen ftanden. Als wei Augen fich anthaten und es nicht mehr einträglich war, bas Crebo auf ben Lippen zu tragen und die kirchliche Fahne zu schwingen, ließ man die todte Gulse fallen, in welcher ein lebendiger Kern niemals gewesen war"; und nun traten Unglauben, Gottlofigfeit und firchenfeindliche Gefinnung um fo ungescheuter berbor, je größer der Bmang mar, den die befohlene Gläubigkeit den Gemuthern aufgelegt hatte.

Als fich die Berfolgung der hugenotten auch in die ftillen Thaler der Sebennen Der Refiaftedte, wo Abtommlinge ber Balbenfer, die fich den Salviniften angefchloffen, in in ben Claubenseinfalt und nach alter Sitte babinlebten, da fanden die Dranger hartnädigen Sevennen. Biderftand. Die Rerfolgung erhöhte ben Muth ber Gebrudten, die Mighandlungen ftigerten ihren Glaubenseifer zur Schwarmerei. Aus den Saufen der Ungelehrten gingen Bertundiger bes gottlichen Bortes, Propheten und Prophetinnen hervor, die angeregt von den apotalyptischen Beiffagungen Brouffon's und Jurieu's von einer glangbollen flegerichen Erhebung ber Rirche und bom Sturge bes Antichrifts, ju effatifchen Buftanden fortgeriffen wurden. Ihre Reden und Ermahnungen ergriffen und feffelten die Gemüther um so gewaltiger, als man in ihnen die Wirkungen unmittelbarer Inspiration "das Betterleuchten aus einer boberen Belt" erblidte. "In den wildeften Ginoben berfammelte man fich um fie ber, um ihre Bredigten zu vernehmen; in den entfernteften Anlagen, die zur Beide des Blebes in den Bergen gemacht waren, vollzog man die religiofen Banblungen nach bem reformirten Ritus". Flüchtige Prediger entflammten Die aufgeregten Gemulther ber "Rinder Gottes" mit wilder Rampfluft. Angeführt von Stan Cavaller, einem ehemaligen Schäferjungen und andern "Propheten" warfen die

"Camisarden", in leinene Rittel (Camises) gekleibet, die nackte Bruft den französischen Marfcallen entgegen. "Brophetifche Gefichte in ben tranthafteften Erfceinungen einer Epidemie und die fühnsten Rriegsthaten gingen neben einander ber". Ein graulboller Burgerfrieg, in dem über 100,000 Menschen bluteten, füllte die friedlichen Thaler "Man gahlte bierzig Rirchen und eine gange Reihe bon Schlöffern, der Sebennen. welche die Aufftandischen gerftorten; tein alttatholisches Dorf, teine Meierei war por Unerwartet brachen fie aus ben Bergen hervor; die Sympathie ihrer Slaubenegenoffen tam ihnen bei jeber ihrer Unternehmungen gur Bulfe". Mebrere Jahre lang widerstanden die follechtbewaffneten Saufen, bald fiegend, bald befiegt, nie aber muthlos und darniedergeworfen dem Marfchall Billars, bis es demfelben gelang, fie durch geschickte Unterhandlungen ju theilen und ju schwächen. Doch erft als der frangofische Machthaber ben "Brotestanten und Belden", so viele ihrer bom Schlachtsclo und Schaffot übrig maren, freien Abjug jugestanden, nahm der fcredliche Camisarbenfrieg allmählich fein Ende. Cavalier, ber "Generalisstmus ber Rinder Gottes" trat als Dberft eines Regiments frangöfischer Flüchtlinge in englische Kriegsbienfte, focht in der Schlacht bei Almanza und ftarb als Couverneur der Insel Jersey im Jahre 1740.

#### d. Die Gallicanische Rirde und bas Bontificat.

Bei ber Biberrufung bes Colite von Rantes mar ber Streit bes Ronigs

Bapftes In-

nocens XI. mit dem Papfte noch nicht ausgetragen. Der Gewaltalt gegen die Reger machte bas kirchliche Oberhaupt nicht gefügiger. Giner feiner Borganger batte einft die Bartholomausnacht mit einem Tebeum gefeiert und handelte bamit im Beifie feiner Beit. Benn jest, wie es heißt, Innocens mit einer Belehrung "burch bewaffnete Apostel" nichts zu schaffen haben wollte und babei bemertte, "biefer Dethode habe fich Chriftus nicht bedient: man muffe die Menschen in die Tempel führen, aber nicht hineinschleifen", fo lieferte er ben Beweis, bag auch am romifchen Hof die politische Zeitrichtung und die gemäßigteren Anschauungen von Autorität und Berrichermacht über die confessionellen Beweggrunde gestellt wurden. Aber ber frangöfische Rierus bachte anders. Die Unterdrückung ber Protestanten war für ibn ein Motiv, mit dem Ronig gemeinschaftliche Sache wider bas Bapftthum gu machen. "Diese beiden Momente zusammen gaben der Ration bas Gefühl und Bewußtsein auch einer religiösen Ginbeit, in welcher fich tatholische Orthodogie und firchliche Unabhangigkeit mit ber Ibee bes Ronigthums verfcunolzen". Die beiden angesehensten Körperschaften in Frankreich, bas Parlament und die Sorbonne ftimmten bem Rlerus bei, um ben alten Grundfagen von den Freiheiten ber gallicanischen Rirche allgemeine Geltung zu verschaffen. Balb traten noch neut Die Quars Conflitte ein. Die Quartierfreiheit, welche die fremden Botichafter in Rom nicht nur für ihre Palafte sondern fogar für bie umliegenden Stragen in Anspruch nahmen, führte fortwährend zu so vielen Digbrauchen, bag Innocenz XI. erflarte, er wurde keinen Gesandten irgend einer Macht mehr in seiner Stadt aufnehmen, der nicht auf diese Freiheit, welche jum Afpl fur Berbrecher biente, Berzicht leifte. Ludwig XIV. wollte biefes einseitige Borgeben nicht gelten laffen ; es fei ein Gingriff in die Rechte bes frangofischen Reiches, die feine Borfahren beseffen, die papftliche Regierung hatte fich borber mit Frankreich verftan-

digen follen. Der neue Botschafter, Marquis von Lavardin, jog mit einem nov. 1687. fo ftarten Gefolge, bei bem fich fogar bewaffnete Reiter befanden, in Rom ein, daß es ausfah, als wolle er bem Papft in feiner eigenen Sauptftadt mit milita. rijder Mannicaft Erot bieten. Innocens ichloß baber ben Gefandten von ber Rirchengemeinschaft aus und belegte, als berfelbe in San Luigi einem Sochamte beiwohnte, diese frangofische Rirche mit dem Interdict. Und um feinen Billen, den Gewaltidritten des frangofischen Machthabers energisch entgegengutreten, noch deutlicher zu beweisen, stellte er fich in der Rolner Erzbischofsmahl, die wir bald 1688. als eine der Urfachen bes neuen Rrieges tennen lernen werden, auf die taiferlich. bagerifche Seite. Ludwig XIV. suchte ben Rirchenfürften einzuschüchtern: er machte ibn für bas Unglud verantwortlich, wenn die Rolner Irrung mit ben Baffen entschieden werden mußte, und ließ durch den Generalprocurator bes Parlaments bas Interbiet für nichtig erklaren und Berufung an ein allgemeines Concil gegen die Parteilichteit des Papftes erheben. Eine Berfammlung von Bralaten in Baris unter Erzbischof Sarlay, einem ergebenen Diener bes Ro- Bralaten nigs, entschied zu Gunften Frankreichs. Aller Berkehr mit Rom wurde abge- Baris. brochen, ber papftliche Runtius in Paris festgehalten; Ludwig besetzte abermals Avignon; man fprach von ber Durchführung des Richelieu'schen Blanes, für Frankreich einen eigenen Patriarchen zu creiren, wofür man harlab in Ausficht nahm. Papft Innocenz ließ fich durch alle diese Schritte nicht zum Rachgeben bestimmen. Auch auf die Bermittelung, die Ronig Jacob II. durch Thomas Soward. Reffen bes Rardinals Rorfolt anbot. ließ er fich nicht ein : in einem Streit, fagte er, worin es fich um feine heilige Burbe, um die Rechte bes apostolischen Stuhles handle, tonne er nicht gurudweichen. daß die über die fortbauernde Gewaltherrichaft der frangöfischen Regierung erbitterten und bedrohten Machte Europa's fich zu einer gemeinsamen Action gegen ben Friedenftorer verftandigt hatten, und beschloß, die Coalition ju unterftugen. Er begunftigte Defterreich in feinem fcweren Rampfe in Ungarn; er gab Subfidien zur Bertheidigung bes beutschen Reiches; er ichloß fich ber großen, bauptfächlich auf protestantischen Rraften und Antrieben beruhenden Allianz gegen Frankreich an; in seinem Cabinet kannte man ben Blan Bilhelms von Dranien in England zu landen. "Bunderbare Berwidelung! Am romischen Sofe mußten die Kaden einer Berbindung aufammentreffen, die das Biel und den Erfolg hatte, ben Protestantismus in bem weftlichen Europa bon ber letten großen Gefahr, die ihm brobte, ju befreien, ben englischen Thron auf immer für bies Befenntniß zu gewinnen". Defpotismus und Gewaltherrichaft erwerben fich nirgende Freunde.

Diefer Conflitt awifchen ber Rrone und ber Tiara führte Frantreich an ben Beenbigung Rand eines Schisma in bem Augenblid, wo ein neuer Rrieg, in bem bas reli- bes Streits. gioje Moment bedeutend mitwirtte, gang Europa ergriffen hatte. So weit wollte man in Paris die Dinge nicht treiben. Mit dem ftarrfinnigen Innocen XI.

freilich war teine Beilegung des Streits unter Schonung der toniglichen Autoritat zu erzielen; als biefer aber am 10. August 1689 farb und ber Benetianer Ottoboni als Alexander VIII. ben römischen Stuhl bestieg, wurden Schritte au einem Ausgleich gethan. Der Ronig schickte einen neuen Gesandten in Die Tiberftadt, ber teinen weiteren Anspruch auf bas Asplrecht erhob, und gab Avignon jurud. Rur ju ber Forberung Alexanders, bie Barifer Berfaminlung und Die Befdluffe über die gallicanischen Freiheiten für nichtig zu erklaren, tonnte man fich in Berfailles nicht fofort entschließen. Alexander VIII. ging barüber aus der Welt und Innoceng XII. wurde fein Rachfolger. Aber auch Diefer Rirchenfürst, obwohl der frangofischen Nation wohlgefinnt, bestand auf der vollen Autorität bes Vontificats. Bwei Jahre lang versuchten hof und Rierus burch vermittelnde Formeln eine Ausgleichung zu erlangen, wodurch bem Bralatenconvent ein Schein von Berechtigung und Geltung erhalten wurde. Aber Innoceng XII. blieb ftandhaft; die frangofischen Beiftlichen mußten erklaren, "daß alles, was in jener Affemblee berathen und beschloffen worden, als nicht berathen und nicht beschloffen angefeben fein folle." "Riedergeworfen zu ben Fugen Em. Beiligkeit" hieß es in dem Schreiben der Bifchofe, "bekennen wir unfern unaussprechlichen Schmerz darüber", und Ludwig XIV. meldete dem firchlichen Oberbaupte, bag er feine Berordnung über die Beobachtung der vier Artifel gurudnehme. Best erft wurde ber Friede bergeftellt und ben Bifcoffen bie canonische Bestätigung ihrer Einsehung ertheilt. Dennoch könnte man nicht behaupten, daß die papftliche Autorität einen vollständigen Sieg errungen hätte. Die politische und friegerische Weltlage bestimmte ben Ronig, ben Streit mit ber Curie fallen au laffen und ihr ben Schein einer unbedingten Unterwerfung bes frangofischen Alerus ju gemähren. Doch wurden bie vier Artitel, welche die Parifer Pralatenversammlung beschloffen und die als die Rechte und Freiheiten ber gallicanischen Rirche durch ein Reichsgeset bekannt gemacht waren, niemals formlich gurud. genommen. Die souverane Gewalt ber Krone gegenüber bem Klerus ward festgehalten und die Unfehlbarkeit des Papftes fand keine Geltung.

#### e. Ausgang bes Janfeniftifden Streits und ber Quietismus.

Mit diesem Versöhnungsalt waren die kirchlichen Streitigkeiten Frankreichs im Zeitalter Ludwigs XIV. noch keineswegs erschöpft, die religiöse Uniformität, wie sie der König für seinen absoluten Staat als nothwendig erachtete, noch keineswegs völlig hergeskellt. Richt nur daß der Jansenismus in seinem Gegensazum Tesuitismus und zur herrschenden Hierarchie noch einmal die Gemüther mächtig aufregte und die gläubige Welt in Frankreich spaltete; auch der aus einer ähnlichen Seelenrichtung entsprungene mit der Mystik verwandte "Quietismus" erschien dem Herrscher und seinen Staatslenkern und Gewissenstäten als eine die rechtgläubige Kirche mit Gesahr bedrohende Abweichung von den wahren christlichen Doctrinen.

Die Banseniften vermochten fich auch nach bem Rirchenfrieden vom Jahre 1668 1. Ausgang bes Sanfenies meder die Gunft noch das Bertrauen des Ronigs zu erwerben. Daß fie der Religion mus und bes die felbftandige Bedeutung geben wollten, nicht in der nationalen Racht und Ginheit Bortesbal. das lette Biel erblidten. sog ihnen mabrend bes Strettes über die Freiheit ber gallicanifden Rirche, die Abneigung und ben Unwillen bes Monarchen gu. Bagten bod mehrere Bijdofe und Gelehrte, welche die Unfichten von Portropal theilten, über bas Berbaltnis zu dem Bapfte anderer Metnung zu sein als Rierus und Parlament! Unter den großen Ereigniffen, welche die Menfcheit am Ausgange des fiebenzehnten und am Gingange bes achtgebnten Jahrhunderts in Erregung festen, mar die Controverse zwischen den jefuitifchen und janseniftifchen Auffassungen bon Gunde und Onade in den hintergrund getreten ; aber mit neuer Beftigkeit entbrannte ber Streit als Bater Quesnel, der Rachfolger und Beifteserbe Arnaulds, moralifche Betrachtungen über das neue Te- 1893. fament bekannt machte, die ein vollsbeliebtes Erbauungsbuch wurden, dem felbft der Cardinal Roailles, Erzbischof von Paris seinen Betfall zollte. Die Jesuiten, welche bald ben Sanfeniftischen Beift berausfanden, benutten des Ronigs Borurtheile gegen die Genoffenschaft, die bei der allgemeinen Servilität ftets eine gewiffe geistige Selbständigteit behauptete, um ihn zu einem neuen religiofen Gewaltstreich zu bewegen. Mit feis ner bulfe festen fie es in Rom burd, bas der Bapft burd die Bulle "in Bineam Domini" die Conftitutionen der früheren Bapfte gegen den Janfenismus mit der fcarfften Burudweisung der berdammten fünf Sape erneuerte. Als die Frauen von Vortropal 1705. sich weigerten, die Bulle zu unterschreiben, wurde das Rlofter aufgehoben. Ludwig 1709. tonnte es nicht langer ertragen, daß ein Sauffein von Ronnen einige Stunden bon Berfailles ihm Biderftand zu leiften magte. 3m folgenden Jahre wurde die Briorin mit 1710. bem Refte ber Schwestern burd Bewaffnete weggeführt, bas Rlofter abgebrochen, selbst die Begrabnifftatte ber Tobten gerftort. Doch blieb ber Sieg unbollftandig, fo lange Queenel's Andachtsbuch noch in ben Sanden ber Glaubigen mar. Daber murde ber Bapft zu einem Schritt bewogen, welcher ben Janfenismus in feiner lesten fruchttreibenden Kraft vernichten follte. Die Bulle Unigenitus" verdammte eine Reihe von 101 1713. Lehrfaten ber "moralifden Betrachtungen" über Gnade und menschliche Freiheit, über Berte und Glaube als "tegerifch, gefährlich oder frommen Ohren argerlich", barunter Ausspruche der Rirchenvater und der Beil. Schrift felbft, weil fie Sanfeniftifch gebeutet werden tonnten. Aber ein großer Theil des frangofischen Rierus und Boltes, Erzbischof Roailles an ber Spige widerfeste fich ber Conftitution. Dennoch gebot Ludwig bem Barlament, die Bulle in die Reichsgesetze einzutragen. Darüber ftarb der Rönig; mit einem religiöfen Gewaltstreich folof fein Leben und feine Regierung. Der ganze bobere Alerus Frantreichs nahm an dem geistigen Rampfe, der auch noch über Ludwigs XIV. Lod hinaus fortbauerte, den wärmsten Antheil. Roch einmal legten die Bischöfe Berufung an ein Concil gegen bas papftliche Gefes ein. Erft unter Cardinal Fleury wurde die Annahme der Conflitution durch Entfehung, Rerter und Rerbannung und die end= gultige Einregistrirung als Reichsgeset durch einen Att der königlichen Souveranetat erwungen. Aber noch um die Mitt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war die Opposition des Jansenismus nicht gang erloschen und in einer dreifachen Gestalt hat er noch bis auf den heutigen Tag sein Dasein gefristet : "In den Riederlanden als eigenes, von Rom getrenntes Rirchenwesen, bem ein Erzbischof von Utrecht (f. 1723) mit zwei Bischöfen bon harlem und Debenter vorsteht. Das myftifche Clement hat in einzelnen Schmarmern (Convulfionaires) fortgelebt, welche ihr Gefühl burch die gulfe von Dishandlungen, Bunden, Areuzigung zur schauerlichen Bollust steigernd den Umsturz des Thrones und der Rirche weiffagten. Das freifinnige Element hat als theologische

Gefinnung einen nicht geringen Weil des Alexus in Frankreich,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burchbrungen".

2. Der Quie tismus.

Bie ber tobte Bifchof von Spern die uralte Lehre von der gottlichen Gnade und bem freien Billen erneuerte und bamit in die farre Raffe ber Rirche einen Gabrungsftoff marf, der die außerliche Religionsübung unfanft ftorte, fo wurde ein fpanischer Briefter Michael Molinos, der in Rom als Beichtvater und Seelforger einflußreich wirfte, durch Biederbelebung der altdriftlichen Mpftit in einer eigenthumlichen Beftalt ber Begrunder des "Quietismus", der gleichfalls in Frankreich feine edelften und begabtesten Bunger erhielt.\*) Beide Religionerichtungen murben von Lubwig XIV., ber allen Reuerungen aus Bringip abgeneigt mar, mit gleicher Ungunft, Burudfetung und Berfolgung belegt. Molinos, ber in einer "Anweifung ju geiftlichem Leben" als ben Beg des Seils empfahl: "Gebetsftille und Bernichtung alles eigenen Seins, um liebevoll Eins zu werden mit Gott", wurde auf Anregung der Jesuiten, insbesondere bes Bater La Chaife, bor dem Inquifitionsgericht in Rom jur Abschwörung seiner Irrlehren geawungen und ftarb in hartem Rloftergefangnis bei ben Dominicanern (1697). Seine Lehre von der myftifden Gottesliebe fand jedoch Anhanger und Betenner in Frankreich. Johanna Maria Bouvières von Lamothe, Bittwe Gupon, von jeher gu frommer Gefühlsichwarmerei geneigt und darin von ihrem Seelenführer, Bater Lacombe bestärkt, trat, nachdem fle fich nach dem Tode ihres Gatten dem "bimmlischen Blutbrautigam" angelobt und fich als Aussteuer Rreuz und Berachtung erbeten, in Schriften und Predigten als neue Prophetin auf. Angeregt von der großartigen Albennatur Savopens, wo fie mehrere Jahre verlebte, fdilberte fie in bem poetifchen Schriftden "Die Strome" ihr inneres geiftiges Leben als Bache, Fluffe und Bergftrome, welche fich julest in das Meer, in Gott, ergießen und verlieren; in ber "turgen und faglichen Anweifung jum inneren Gebet" preift fie als ben bochften Grad ber Frommigkeit im Gegenfas ju ber außerlichen Religionsubung ber herrschenden Rirche bas innere, ftille, contemplative Herzensgebet des Glaubens, und der Ruhe ohne Worte; die höchste Stufe der Andacht sei das stille und ruhende, nicht bittende Gebet und die Contemplation. Der Quictismus der Bittwe Gubon litt an schwarmerischen Uebertreibungen und war nicht frei von Borftellungen und Bildern, die einer finnlichen Auffaffung fabig maren und zu verleumberifden Radreden Beranlaffung gaben. Sie nannte fich "Mutter ber Glaubigen" berufen "geiftliche Rinder" ju geugen unter "Geburtsfomergen" (inneren Seelentampfen) ; fle grundete eine Congregation "der Kindheit- Jesu- Genoffen"; in den mpftischen Areifen, die fich an fie anschloffen, ging die Weiffagung, "daß ihr Millionen bekannte und unbekannte Rinder geboren werden follten". Locombe, dem fie eine "geiftliche Mutter" fein wollte, wurde im Jahre 1687 berhaftet und bis ju feinem Tode 1714 in Gefangenschaft gehalten; die Supon felbst wurde burch die Berwendung der Frau von Maintenon und anderer vornehmen Damen mehrmals aus der Saft befreit, fo bas fie "dem herrn immer neue Rinder gewinnen" konnte. Doch hatte fie in den letten Jahrzehnten ihres Lebens, besonders auf Boffuet's Betreiben, viele Berfolgungen ju ertragen. Ihre Schriften und Lehren wurden verdammt, ihr Rame gelästert. Die Gegner fagten den Quietiften nach, "daß ihnen Alles erlaubt fcheine, was der Leib verlange, wofern der Geift fich einmal Gott ergeben habe". Die Andachtsfchriften der Madame Supon, ihre geiftlichen Lieber,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Beil. Schrift u. A. wurden weit verbreitet und überfest. Roch in ihrem Todesjahr vollendete fie das fleine poetifche Buch. lein : "Die heilige Liebe Gottes und die unheilige Raturliebe." Die Quietiften, welche

<sup>\*)</sup> Den bibliographischen Angaben auf S. 350. beizufügen: Deppe, Gefchichte ber quietiftischen Myfit in ber tath. Kirche. Berlin 1875.

ben außeren Gultus misachteten und in einer inneren Gebets- und Liebesichwarmerei ihre religiofe Befriedigung suchten , fcienen dem verftandigen Bifchof Boffuet , dem Ronig und feinem Beichtbater gefährlich für bie Rirche und bas burgerliche Leben, baber fie bei der hierarchie und dem Ctaatstirchenthum teine Gnade fanden. Rur genelon, Benelon. Erzbischof von Cambrai, der als Lehrer der Entel Ludwigs XIV., insbesondere des leidenschaftlichen, bosartigen, beftigen Bergogs von Bourgogne, Die Lugend ber Seelenrube, der Selbftbeberrichung und der driftlichen Demuth batte ichagen und üben lernen, tonnte fic nicht entidließen, eine Gefühlsteligion zu verdammen, in ber er nur eine Seite des alttatholischen Mofticismus ertannte, einen Gottesdienst des Bergens gegenüber dem außeren Rirchenwefen. In feinem Bert : "Auslegung der Magimen der Beiligen über das innere Leben" wird die reine und uneigennütige Liebe zu Gott, über welche ber glaubige Menfc fich felbft vergeffe und nicht einmal feiner funftigen Seligfeit gebente, als der Inbegriff aller driftlichen Bolltommenheit bargeftellt. Boffuet und der größte Theil ber frangofilden Geiftlichteit erflarten fic gegen bas Bud; ber Ronig, ber obnedies beni Lebrer feines Entels nicht mit Unrecht einen ihm um diefelbe Beit jugegangenen anos nomen Brief gufdrieb, worin er gur Beranderung feiner Politit und Regierungsweife ermahnt ward, bestrafte ibn mit seiner Ungnade, indem er ihn durch die Ernennung jum Bifchof von Cambrai aus der Rabe des hofes verbannte, und ihm jede Ausficht auf ben erzbifcoflichen Stubl bon Baris benahm. Der Bapft murbe nach einigem 12. Mars Bedenten vermocht, 23 Sage ber Schrift als irrig und anftobig zu verdammen. Fenelon, ber die auf Befehl bes Ronigs rafd verbreitete Berurtheilung in dem Momente erhielt. als er die Rangel feiner Rathedrale bestieg, verlas das Breve mit der ihm natürlichen Demuth und ermahnte feine Gemeinde fich banach ju richten. Er meinte, ber Papft werde wohl nicht die reine Liebe ju Gott verbammt, Er aber dieselbe in einer Beife borgetragen haben, die ju Berthumern hatte Beranlaffung geben konnen.

# E. Die letten Jahrzehnte des fiebenzehnten Jahrhunderts.

## I. Ludwigs XIV. Gewaltherrschaft.

Rach dem Rymweger Frieden stand Ludwig XIV. auf der Höhe der Macht Europalische und Herlichteit. In Frankreich nannte man ihn den Großen und stellte ihn über Rachische Alegander und Sasar. Schmeichelnde Geschichtschreiber, Dichter und Redner wette eiserten in der Berherrlichung seines Ruhmes: durch seine Gnade und Gerechtige keit habe er in Frankreich und in ganz Europa den Frieden hergestellt, zu Lande und zur See habe er die Feinde seines Staats und seiner Macht besiegt, durch seine Beisheit habe er Ordnung in der Berwaltung, in den Finanzen und Gesehen geschaffen, durch seine Freigedigkeit habe er die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zu ihrer Bollkommenheit gebracht. War es zu verwundern, daß seine Eigenliebe, seine Selbstsucht, seine Anmaßung alle Schranken niederwarf, daß er dieselbe Gewaltherrschaft, durch die er die eigene Ration unter seine Füße geworfen, auch gegen das Ausland zu richten kein Bedenken trug? Die Artikel des Rymweger Friedens waren don d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angenommen worden, wie sie der französische König, der auf die Unterhandlungen selbst den persönlichsten Einsluß übte, vorgeschrieden hatte. Sollte sein Machtspruch nicht auch vermögend sein,

Lubw. XIV

ben Bedingungen eine weitere Ausbehnung ju geben? Ber follte ihm entgegentreten? Spanien lag fraftlos zu Boben, mit Dube wurden bie aufrubrerischen Elemente in ben Provinzen niedergehalten. Das beutsche Reich war uneinig und Die Fürstenhöfe tauflich. Ronnte man boch in Berfailles ernftlich ben Gebanten faffen, durch Ludwigs Ginfluß auf die deutschen Fürsten fei es möglich dem Dauphin die Burbe eines romischen Ronigs zu verschaffen. Die unzufriedenen Magnaten in Ungarn hatten in ihrem Rampfe gegen Defterreich ihre Blide auf Baris gerichtet; in Conftantinopel war ber frangofifche Ginfluß machtig genug, um die Pforte unter die Baffen ju rufen, fei es jur Unterftugung der aufftanbischen Magyaren, sei es jum Rampfe wider Rugland, wenn basselbe einen Angriff auf Schweden unternehmen wollte. In Bolen regierte Johann Sobiedty, ber seine Bilbung in Frankreich empfangen batte und burch seine frangofische Gemahlin wie burch die eigene Reigung mit bem Sof von Berfailles in Berbindung gehalten wurde. In Liffabon, in Turin, in fo manchen andern Refidengen herrschten französische Sympathien; die Stuarts in England waren durch perfönliche und religiose Interessen an Ludwig XIV. gefesselt. Die Schweizer Gidgenoffen hatten an bem Eroberungefriege mitgewirft und bublten um die fernere Gunft und um die Jahrgelber bes reichen Monarchen.

Die Reunios

Ermuthigt burch die auf bem Friedenscongreß erlangten Erfolge feste nun. nen. 1680. 1681. mehr der französische Ronig durch die sogenannten "Reunionen" dem System eigenmächtiger Gewaltthatigfeiten die Rrone auf. Satte er icon, wie erwähnt, mabrend bes Rrieges die gebn elfässischen Landvogteistädte unterworfen und befestigen laffen, und Ritterschaft und Burger burch einen Bulbigungseid zu unmittelbaren Unterthanen bes frangofischen Selbstherrichers gemacht; fo murde jest bie Behauptung aufgestellt, eine Angahl Berrichaften, Gebietstheile, Territorien und Ortschaften feien als ehemalige Pertineng- und Dependengftude ber burch die Friedensichluffe von Münfter und Rymmegen an Frantreich gefallenen Landichaften, Stadte, bis fcoflichen Diocesen in der Abtretung inbegriffen, da in den Friedensvertragen ausgesprochen sei, daß diese Bebiete mit ihren Diftricten der frangofischen Souveranetat unterftellt fein follten. Die unbestimmte vieldeutige Faffung mancher Artitel und Ausbrude bot ber Anmagung und Berrichsucht eine geeignete Sandhabe. Um bem Gewaltstreich einen Schein von Recht zu geben, ließ nunmehr Ludwig in Meg, Besançon, Doornit und Breifach "Reunionstammern" gur Ermittelung biefer Bertinengftude errichten und warb fomit Rlager, Richter und Bollftreder in Giner Berfon. Die Bifchofe von Des, Toul und Berbun, "ohnebin Gefcopfe von Ludwigs Sand" wurden junachft aufgefordert, ein Berzeich. niß bon ben Gutern und Leben aufzustellen, die einft zu ihren Rirchen gehort, fich aber im Laufe ber Beit ber bifchöflichen Dberhoheit entzogen hatten. Gie brachten eine namhafte Lifte zusammen. In abnlicher Beife murde auch an andern Orten verfahren. Und nun machte ber Ronig ben Grundfat geltend, baf die Rechte des Reichs fammtlich an die fouverane Krone Frankreiche übergegangen

feien, und erklarte fich jum Oberlehnsberrn aller berer, welche ihm als Bafallen ber abgetretenen Bisthumer und Lander bezeichnet wurden. Demgemäß fand ber Gerichtshof von Befancon, daß ber Bergog von Burtemberg verpflichtet fei, dem König von Frankreich für fein Fürstenthum Mompelgard als feinem Souveran au bulbigen, weil biefes aur Franche Couté gebore; Die Rammer von Mes entbedte, daß die Bfalggrafen von Belbeng und Lügelstein, der Bergog von 3weibruden, bie Grafen von Salm, Saarbruden, Sponheim, Unterthanen ber frangöfischen Arone seien, und nahm gegen achtzig außerhalb Frankreichs gelegene Leben für Ludwig XIV. in Anspruch. Der König von Schweden und ber Pring bon Oranien wurden aufgefordert, jener für Pfalge Bweibruden, diefer für bie Graffchaft Chint die Lehnshoheit des Reiches mit ber bes Königs von Frantreich zu vertauschen. Durch bisterische Untersuchungen tam die Ranumer von Breifach au bem Ergebniß, bag bie fammtlichen im Elfaß angefeffenen Reichs. unmittelbaren, Fürften, Memter, Stande, Ritterfchaft, Bafallen bes Ronigs feien. Aller Orten wurde bas frangofische Bappen angeschlagen, ber Eid ber Treue nach französischem Gebrauch von den Unterthanen wie von den Herren geforbert. Bor ber brobenben Rabe einer ichonungelofen Gemalt beugten fich bie meiften. Die Entfernteren, namentlich bie machtigen Reichsalieber widerftrebten, aber ihre Beamten wurden verjagt, ihre Archive verschloffen, ihre Renten vorenthalten; wendeten fie fich an den frangofischen Bof, so wurden fie an die Gerichtshofe von Det und Breifach gewiesen; Die Minister versagten jede Rudfprache und Unterhandlung." Um barteften wurde ber Ergbischof von Erier betroffen. Ludwig nahm brei Ortschaften an der Maas in Anspruch, "weil Ronig Bibin, der fie dem Stift geschentt, fich babei tonigliche Macht und Schut barüber borbehalten habe." Oberftein, bas bem Erzbisthum feit fünf Jahrhunderten angeborte, wurde jest von frangofischen Truppen besett, eben fo Homburg und Bitfc. Den Spaniern wurde Aloft (Aalft) in Oftflandern, das traft bes Rymweger Friedens berausgegeben werben follte, mit fophistischer Rechtsberdrehung vorentbalten, bis fie Anxemburg bafür umtauschten; benn dieses glaubte Ludwig gur Sicherung von Sothringen an bedürfen. Bugleich ließ ber Ronig an allen Grenzen Frantreiche burch Bauban unangreifbare Festungswerte errichten, Die bas Ronigreich für alle Butunft gegen feindliche Invafionen ficher ftellen follten.

Der Reichstag zu Regensburg machte einige ichnichterne Borftellungen gegen Der Brantfolde Uebergriffe, bestritt das Recht bagu durch juristische Deductionen und be- gres. rieth fich über bie Aufstellung eines Reichsbeeres. Um ben Gifer zu tublen, erflarte fich Ludwig bereit, auf einem Congreß ju Frankfurt die Sache untersuchen ju laffen. Aber die frangöfischen Bevollmächtigten verweilten fo lange auf ber Reise, daß die Deutschen hinreichend Muße fanden, sich über Rang und Titel, über die Form der Tische und Sipe, über die Frage, ob man sich bei den kunftigen Berathungen ber lateinischen ober frangofischen Sprache bedienen folle, qu ftriten. Mittlerweile wurden nach Louvois' Anordnung in aller Beimlichkeit

Strafburge durch General Montclar Truppen im Elfaß angesammelt und die Rege ausgespannt, um das Aleinod des Reiches an Frankreich zu bringen. Dem Raubfofteme der Reunionen, burch welche feit zwei Sahren die Gemuther der an Frantreich grenzenden Boller in Unruhe und angftvoller Erwartung gehalten wurden, sette Ludwig dadurch die Krone auf, daß er mitten im Frieden die freie Stadt Straßburg bem Reiche entrig. Der verratherifche Bifchof Egon von Fürftenberg, ber icon lange im Solbe Frankreichs ftand, eine jefuitisch-katholische Bartei in Stadt und Land und einige thatige Convertiten forberten bas Unternehmen, bei bein Ueberraschung und brutale Gewalt mit Berführung, Ginschüchterung, Intriguen, vielleicht auch mit Beftechung einzelner Rathsberren Sand in Sand ging. Das Belingen des Gewaltstreiches mar fo ficher vorbereitet, die Einleitungen ju der Befetung ber Rheinstadt fo geschickt getroffen, bag Louvois auf bie Rachricht von ber Einschließung ber Restung burch Montclar eilen mußte, um rechtzeitig jut 28-90. Capitulation, die er fich felbst vorbehalten, von Bersailles einzutreffen. Richt als ob es ber Burgerschaft an deutscher Gefinnung, an Pietat fur bas Reich und die geschichtliche Bergangenheit gefehlt batte; man batte oft genug in bringenden und flebenden Borten ben Schut bes Reiches angerufen; aber ohne Sulfe vom Raifer und bon ben Stammesgenoffen, ohne genugende Behrmannschaft und Bertheibigungsanftalten in ben eigenen Mauern, verlaffen und verrathen von bem zaghaften, in Maglicher Rathlofigfeit bin und ber ichwankenben Magiftrate, was sollte die Bürgerschaft beginnen gegenüber einem Keinde, der im Kalle eines Biderftandes mit Rrieg und Berwüftung brobte, bei friedlicher Unterwerfung bagegen Berfaffung, Rechte und Religionefreiheit zu achten versprach? So fügte fich benn die Bürgerschaft Strafburgs in das unvermeibliche Schickfal und brachte der Sicherheit des Lebens und der materiellen Boblfahrt ihre politische und firchliche Selbständigkeit und fo manches ideale But, bas die Borfahren errungen und behauptet, jum Opfer. Rach ihrer Entwaffnung mußte die einst freie Reichs. burgerschaft dem fremden Machthaber kniend den Unterthaneneid leiften; das Münster, die Bierbe beutscher Bautunft, wurde von dem aus Babern berbeieilenben Bifchof in Befit genommen, neu eingeweiht und bem tatholifchen Cultus eingeräumt, bas Beughaus geleert. Und mabrend ber Ronig als Sieger feinen

23. On. seierlichen Einzug hielt und ber Bischof ihn vor der wiedereroberten Kathedrale mit den Worten begrüßte: "Herr nun lässest du deinen Diener in Frieden fahren, denn meine Augen haben deinen Heiland gesehen", wurde von Bauban die Citadelle abgesteckt, "die der stolze Franzose für start genug hielt, daß keine Macht Europa's ihm den Paß ins Reich je wieder nehmen sollte." Bei ihrem Ausban sah man deutsche Bürger und Bauern Hand anlegen.

Eindrud. Wie tief immer das deutsche Nationalgefühl seit de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gesunken war; dennoch ging ein Schrei der Entrüstung durch die Saue des Baterlandes über den unerhörten Gewaltstreich. In Gedichten, in Bolksliedern, in Satiren und Pamphleten, in der gesammten Tagesliteratur gab sich der öffent-

liche Untville fund; selbst ber Reichstag, der nach Auflösung der Frankfurter Confereng wieder in Regensburg feine Sigungen hielt, fcbien die Schmach und Erniedrigung nicht ruhig hinnehmen zu wollen. Das Anerbieten bes Konigs, wenn Raifer und Reich auf bas, mas von Frankreich bieber in Befit genommen, frierlich verzichteten, fo wolle er fich um des Friedens Billen damit begnügen und feine weiteren Anspruche erheben, murbe Anfangs gurudgewiefen. Aber die franzöfische Diplomatie konnte die beruhigende Berficherung geben, "baß diese Stimmung in ben Formalitäten ber Reichsverfaffung begraben werden wurde". Und jo geschah es. Ludwig durfte mit Buverficht barauf gablen, daß die europäischen Machte, die unter gunftigeren Berhaltniffen fich den Frieden bon Rhmwegen batten aufzwingen laffen, bei ber bamaligen Lage und Stimmung teinen neuen Rrieg beginnen wurden.

Bohl wurde eine europäische Affociation zur Erhaltung des in Rhmwegen Die europaische Affociation geschaffenen Friedensstandes in Berathung gezogen: Bilbelm von Oranien und ciation. Rarl XI. von Schweden, burch bie Reunionen perfonlich gereigt und verlett, tamen überein, ben Gewaltfamteiten Frantreiche entgegenzutreten; Spanien, deffen Grenglande fortwährend burch triegerische Ginfalle beunruhigt murben, und ber Raifer ichloffen fich bem Bunde an, und felbft mehrere Reichsftanbe porab bie neuen Aurfürsten von Babern, Magimilian Emanuel, und von Sachsen, 30hann Georg III., Bergog Ernft August von Sannover u. A. waren jum Beitritt bereit. Aber alle Genoffen biefer Affociation waren burch eigene Anliegen fo febr in Anspruch genommen, daß fie fich nicht leicht zu einer gemeinsamen friegerischen Der Ronig von Schweben, ber bem frangofischen Action ermannen tonnten. Monarchen die Erhaltung feiner beutschen Besitzungen verdanfte, burfte feiner perfonlichen Berftimmung gegen ben bisberigen Berbunbeten nicht allzu icharf Ausbruck geben; gegen Bilbelm von Oranien hatte Ludwig einen hinterhalt an ben Bochmögenden Berren in Amfterbam, welche ftets mit Gifersucht bas ehrgeizige und herrschstüchtige Streben bes Statthalters übermachten; und ber gewandte Diplomat b'Abaux, ber als frangofischer Gesandter im Saag weilte, wußte die Rivalität lebendig zu erhalten und zugleich die Handelsintereffen der Republit gegen ben militarischen Geift bes Prinzen ins Feld zu führen. Seine Thatigkeit fand eine Stupe an dem englischen König, ber, wie wir spater erfahren werben, bamals mehr als je in den Regen Ludwigs verftrickt mar, um in seinem Biderftreit gegen bas Barlament durch frangofifche Sahrgelber unterftust zu werben. Bas tonnten aber die Sabsburger bem Machtherricher von Berfailles entgegensehen? Spanien vermochte ben an seinen Grenzen aufgeftellten frangofischen Beeren im Falle eines neuen Rrieges feinen fraftigen Biberftand zu leiften, es hatte ben Rampf hauptfächlich feinen Bundesgenoffen überlaffen muffen, und in welche Bedrängniß der Raifer und Defterreich um dieselbe Beit durch die Türken gebracht wurden, wird der nachfte Abschnitt lehren. In Bien und Madrid hatte man es gern gefehen, wenn das Reich gegen die französische Uebermacht unter die Baffen

getreten mare. Als in Regensburg die Frage berathen wurde, ob man ber Affociation beitreten oder auf Grund der Anerbietungen Ludwigs fich mit Frankreich vertragen folle, warnte ber öfterreichische Bevollmächtigte vor ber frangöfischen Bergrößerungefucht und empfahl energischen Biderstand. "Die Erfahrung zeige, wie Frankreich feine Bufagen halte. Das Nachgeben werde nur neue Forderungen bervorrufen. Auf diesem Bege tonne ber frangofische Ronig nach und nach gang Deutschland in Anspruch nehmen und bas Reich anftatt eines Raifers einen frangofischen Statthalter baben". Aber Friedrich Bilbelm von Brandenburg bemerkte, daß die dermalige Beitlage zum Kriegführen nicht angethan fei; feit man fich in Nomwegen einen fo fchimpflichen Frieden habe gefallen laffen, konne man nicht mehr mit Aussicht auf Erfolg von Neuem zu den Baffen greifen. Der gunftige Beitpunkt fei verpaßt worden. "Best fei es bem Reiche nutlicher mit ber von Frankreich angebotenen Bergichtleiftung auf weitere Ausbehnung ber Reunionen den Frieden anzunehmen und bas, was diese Krone schon in ihrer Gewalt habe, babinter zu laffen, als ben gangen Reichstörper mit feinen Gliebern in einen verderblichen neuen Rrieg gleichen Ausgangs wie ber vorige au fturgen und ber Gefahr völliger Auflojung auszusegen".

Friebrich Bilbelm v. Dies find die erften Spuren eines Dualismus zwifchen Preugen : Brandenburg Branben- und Desterreich, ber bon ba an burch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zieht. Der Aurfürst konnte burg. es nicht vergeffen, daß man ihn in Rhmwegen im Stiche gelaffen, bag ber Raifer, wie wir fpater erfahren werben, bem Rurbaufe die folefifden Fürftenthumer vorenthielt, er hatte es wohl bemertt, wie neidisch und eifersuchtig man in der Biener Bofburg auf den aufftrebenden tegerischen Rurftaat an der Offfee blidte; nun trieb er Politit auf eigene Band. Batte er bisher im Biderftreit gegen Frankreich Ginbuse erlitten, fo fuchte er jest durch beffen Freundschaft bas Berlorne wieder ju gewinnen. Die Sand, bie machtig genug war, ben Bundesgenoffen in Stocholm vor Schaden zu bewahren, tonnte unter veranderten Berhaltniffen dem Freunde oder Berbundeten an der Elbe und Oder nühliche Dienste erweisen. Es war ein beklagenswerthes Schickfal, bas in bem Augenblid, ba der Feind der Christenheit Wien bedrohte und der Rationalfeind bem Reiche im Beften ben Purpurfaum abrif, ber traftvolle maffenfrohe Furft bas Sowert in der Scheide hielt und feinen Mitfianden ben Rath gab, bem machtigen Rauber die Beute zu laffen, damit nicht noch größeres Unheil über bas Reich bereinbreche. Die matte Rriegführung der Sabsburger in den flebenziger Jahren und die Breisgebung der weftlichen Reichsgrenzen und Strafburgs hatten alles Bertrauen auf Defterreich und den Raifer erfcuttert.

Der Regens. Die geiftlichen Rurfürften am Rhein, die bei einer Erneuerung bes Rrieges Stilftanb. abuliche Unfalle wie Lothringen erfahren ju muffen fürchteten, traten ber Anficht des Brandenburgers bei ; auch das Fürstencollegium und die Städte stimm. ten nach einigem Bedenten für die Annahme der frangofischen Borfchlage. Go erlangte auf dem Reichstag die Friedenspartei das Uebergewicht. In den letten 28. Aug. Tagen des August, als noch die Türken vor Wien lagen, wurde dem französischen Gefandten die Mittheilung gemacht, daß bas Reich in einen Baffenftillftand von zwanzig Jahren auf Grund des Beftehenden willige. Es dauerte jedoch

noch ein ganges Sabr, ebe biefe Abnigamigen allfeitig anerkannt und zu einem Staatsbertrag erhoben wurden. Der Entfat von Bien und ber Abzug ber Turten erfüllte bas öfterreichisch-spanische Berricherbaus mit neuer Buberficht. In Mabrid wurde in Gegenwart des jungen Ronigs Rarl II. an Frankreich ber Rrieg erflart; ber Bring von Oranien wollte nichts von einer Auflösung ber Affociation boren, "man durfe ben fomablichen Gewaltftreichen ber Frangofen nicht rubig qufeben; es fei offenbar, daß Ludwig nach ber Herrschaft über Europa trachte", in den deutschen Reichslanden brach im Bolt und an manchen Fürstenhöfen ein triegeris ider Geift herbor. Aber bei naberer Erwagung ber wirflichen Lage ernuchterte fich die Kriegsluft in Deutschland und Bolland. Spanien war nicht vermögend, fich gegen die französischen Beere zu behaupten; Luxemburg wurde nach langer Belagerung von Crequi und Banban erobert; der Raifer war vollauf in Ungarn beicaftiat und konnte keine Eruppen nach Beften entfenden. In Amfterdam erflärten die Sochmögenden, daß die Republit an den triegerischen Unternehmungen des Statthalters teinen Theil babe, und nahmen den Regensburger Stillstand an. Bor allem war es ber Thatigieit bes Rurfürften von Brandenburg auguschreiben, daß die Friedensgedanken das Uebergewicht erhielten. Indem er einerseits ben frangöfischen Bof zur Ermäßigung feiner Forberungen bewog, andererseits ben beutschen Mitftanben bie Schwierigkeit ber Lage, Die Untvahrscheinlichkeit eines Erfolges im Felde gegenüber einem fo farten Feinde und die brobende Rriegs. noth für die Rachbarlander vorftellte, bewirkte er, daß auf dem Reichstag von Regensburg der zwanzigjährige Waffenftillstand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bem deutschen Reich zum Bollzug tam und auch von bem Raifer und von Spanien 15. Aug. angenommen warb. Demgemäß follten alle bis babin reunirten und geraubten Bebiete, mit Ginfchuß bon Strafburg fannut ber Rebler Schange und von Lugemburg, bem frangöfischen Ronig überlaffen bleiben unter ber einzigen Bebingung, daß bie neuen Erwerbungen bei ihren religiöfen und politischen Rechten und Befigthumern erhalten würden. Dafür wurde bie Berficherung gegeben, daß die Reunionen eingestellt, die Sobeiterechte Frankreichs nicht weiter ausgedehnt und die ungarischen Rebellen nicht unterftütt werden follten.

Aber es liegt nicht in ber Ratur vorwaltender Machte, fich felbft zu beschrän. Reue Gefen; die Schranken muffen ihnen gefett werden; Rachgiebigkeit steigert nur die Berrichsucht und ben Uebermuth. Richt nur daß gegen ben ausbrucklichen Bertrag die Religionsverfolgungen auch auf die Broteftanten im Elfaß ausgebehnt murben : bie Grenzverletungen am Rhein und anderwarts banerten fort. Auf einer Rheininsel bei Buningen, welche aum Theil dem Markrafen von Baden-Durlach gegeborte, wurde ein Fort errichtet und eine Brude nach bem jenseitigen Ufer geführt; in Lothringen wurden Stadte und herrichaften als Lehnstude ber brei Bisthumer von Frankreich in Befit genommen. Dem Auslande gegenüber, fagt ein frangoscher Historiter, tannte Ludwig teine Gerechtigkeit; wo er gerecht mar, glaubte er großmuthig zu fein und war dann eben fo verletend als anmagend

und übermuthig in seinen Forderungen. Und nicht blos gegen bas gespaltene awietrachtige beutsche Reich behnte Louvois und fein bespotischer Gebieter bie Gewaltstreiche aus; auch Italien, bas an gleicher Schwäche und Bielgestaltigkeit litt, fühlte die Geißel der übermuthigen Sprannei. Bu gleicher Beit mit Strafburg war in Folge eines Bertrags mit bem neuen Bergog Ferdinando Carlo von Mantua. Montferrat, ber für seine Lufte und Ausschweifungen mit Sangerinnen, Schauspielerinnen und Bublerinnen mehr brauchte, als trot feiner Finangfunfte bas tleine Land aufzubringen vermochte, die Reftung Cafale, ber Schlüffel zum Mailandischen besett worden und ber verratherische zweideutige Unterbandler Mattioli, ber burch Gelb bestochen bem öfterreichischen und fpanischen Sofe Mittheilungen gemacht hatte, wurde, (wie Ginige vermuthen, unter ber "eisernen Maste") auf Lebenszeit in Saft gehalten. Und nun buste auch bie Seerepublit Genua, Die ichon lange ben Reid und Aerger bes machtigen Rachbars gereigt, für die Anhanglichkeit an die alte Freiheit und an das spanisch-babsbur-17-28. Mai gifche Berricherhaus durch ein ichredliches Bombardement, in Folge beffen ber Dogenpalaft, bas Beughaus und viele ansehnliche Gebaude ber "Marmorftabi" gerftort wurden, und mußte nicht nur jede Berbindung mit Spanien abbrechen und fich mehrere Befchrantungen und Demuthiaungen gefallen laffen, fondern auch ihren Dogen nebst vier Senatoren nach Berfailles schicken, um in ben un-12. 3an- terwürfigsten Ausbruden bem Konig bas Bedauern auszusprechen, baß fie fein Mißfallen erregt habe. Satte boch bie reiche Sandelsstadt gewagt, fur Spanien Galeeren zu bauen, auf die Martte Siciliens und Cataloniens Baaren zu liefern und der Regierung aus der Georgbant Darlehne zu machen! Darin fah Ludwig einen Abfall van der alten Oberlehnshoheit, unter welcher einst die Republit ju den frangöfischen Monarchen geftanden. Um Bofe zu Berfailles gab man fich damals gerne bem Gebanten bin, wie bie frangofischen Baffen zu Lande herrichten, fo follte Frankreich auch jur See bas Uebergewicht erlangen. war besonders Seignelei, Colberts Sohn, der diefes Biel verfolgte. feinen Augen ift bas Bombarbement bon Genua vollzogen worden. Als ber frangofifche Gefandte dem Papfte die Urfachen des Strafgerichts wider Genna vortrug, fant ber beilige Bater auf die Rnie und rief aus: Berr vertheidige bu beine Sache! In Frankreich aber feierte man die Begebenheit burch eine Dent-

lleber ben rathfelhaften Gefangenen, ber unter ber Bezeichnung ber "Gifernen Daste Die eiferne Diaste. viele Jahre lang in verschiedenen Gefängniffen, in Bignerol, auf der Infel St. Marguerite vor Cannes, endlich in ber Baftille von bem Rerfermeifter St. Mars auf bas Sorgfältigfte bewacht und von jedem Bertehr mit der Außenwelt abgeschloffen worden ift, find die verschieden. artigften Bermuthungen aufgestellt worden. Dehr als ein Dugend Berfonlichfeiten, a. Eb. ber toniglichen gamilie und ben erften hoffreisen angehorend, wurden namhaft gemacht, bie unter ber Maste von fcmarzem Sammet verborgen gewesen fein follten. Das mpfleridse Dunkl

ter Macht zu führen bermag.

munge! Die Belt war in Schreden gefeffelt, und boch hatte fie noch nicht bas Mergite gefeben, wozu rechtsverlegende Billfur verbunden mit unbeschrant.

regte bie Bhantafte und die Reugierde an und bas Gefallen ber Welt am Bunberbaren und Romantischen führte gu ber Bermuthung, bag ein unglückliches hochgestelltes Opfer bes Despotismus unter ber geheimnisvollen Gestalt ju fuchen fei. Gine neue Schrift (La verite sur le Masque de fer par Th. Jung, Deutsch von Aug. Riefe, Greifen. 1876) fucht nun barguthun, bas nicht ber Mantuanische Gesandte, Graf Dattioli, ber icon im Apr. 1694 auf ber Infelfefte St. Margubrite farb, mabrend die "Ciferne Matte" noch gehn Sabre langer in ber Baftille faß, der Gefangene gemefen fein tonne, fondern ein abenteuerlicher Chelmann aus Lothringen, ber unter mehreren Ramen fich in ber Welt umbergetrieben und an ber Spipe eines weitverzweigten Complots gegen bas Leben bes Ronigs gestanden. Durch Berrath und nachtlichen Ueberfall in die Bande Louvois' geliefert, fet er ohne Broces und Rechtsfpruch in ficherem Bewahrfam gehalten werben, weil burd ein öffentliches Gerichteverfahren ju viele hochgeftellte Berfonen als Mitidulbige entbedt und fomit im Auslande irrige ober nachtheilige Borftellungen über die öffentliche Gefinnung verbreitet morben waren. "Durch 31jahrige elende, harte Gefangenschaft, beraubt der Luft, ja faft bes Lichts, ju einer fürchterlichen Isolirhaft verdammt, fo folieft die Schrift, hat ber Ungludliche (Mr. de Marchiel) feine Schuld gefühnt und muß noch bente unfer Mitgefühl in Anfpruch nehmen, trobbem ber Rimbus von ihm gewichen und wir in ihm nur einen Wenteurer, einen Berfdwörer, vielleicht fogar einen Genoffen ber Giftmifder gu erbliden baben". Das Refultat wird fcwerlich große Befriedigung gewähren.

# II. Defterreich, Ungarn und die Türkei.

Eteratur. Su ben Geschichtswerten über Ungarn und Siebenbürgen, bie VIII, 495 und über das Osmanische Reich die VIII, 620 aufgeführt find, tommen für die folgende Periode in Betrackt: Maisath, Gesch. des öfterr. Kaiserkaats. hamb. 1984—50. 5 Bde. (Gesch. der Magyaren f. S. VIII, 495.) — Coxe, Gesch. des hause Dest. cet. D. von Dippold u. A. Bagner Amst. und Leipz. 1810—17. 4 voll. — Wagner, historia Leopoldi magni Caesaris. 1719. — Mémoires de Montecucouli Amst. 1756. 8. — G. D. Leutsch, Gesch. der Siebenbürger Sachsen. Leipz. 1874. 2 voll. 2. Aust. — Ab. Bolf, Färft Benzel Lobsowip. Wien 1869. — Arneth, Leben des Feldmarsch. Guido von Starhemberg. Bien 1853. — Röder v. Diersberg, Marker. Ludwig Bilhelms von Baden Feldzüge wider die Kürken. Karler. 1839. A Bde. — Die Schriften über Johann Cobiesty von Bisch falusti, von Salvandy u. a. sind bei der Gesch. von Polen angeführt. — Pachner v. Eggenstors, Sammlung von Reichsbeschlüssen seit 1663.

#### 1. Siebenbürgen und die Pforte.

Wenn man den Franzosen zum Borwurf machen wollte, daß sie sich freis Definition willig in Anechtschaft begeben, sich der absoluten Gewalt eines despotischen Selbstscherscher in stummer Unterwürfigkeit gefügt hätten; so konnten sie auf die Bustände jener Staaten hinweisen, wo es nicht gelungen war, die vereinzelten Aräste und Parteien unter einen Einzelwillen, unterzeine höchste Autorität zu bannen, wo ehrgeizige selbstsüchtige Factionen das geschichtliche Leben bestimmten und besberrschten, wo über inneren Kämpfen sich keine nationale Cultur, kein würdiges politisches Dasein zu entwickeln vermochte, ja die Keime und Ansähe dazu wieder verstümmerten aber untergingen. In allen Ländern des öftlichen Europa lag das monarchische Peinzip mit seindlichen Gewalten im Widersteit, die keine einheitliche

Machtentwickelung julaffen wollten; und in ben meiften berrichte augleich ein Bewiffensbrud, ber bem frangofischen nicht weit nachstand und boch nicht burch die Lichtseiten gemildert mard, welche die gehobene Bildung, die Philosophie und die allmählig emporfeimenden Ideen ber humanitat gleichzeitig ber Geele au-Bir haben gesehen, welche Beröbung ber engherzige Confessionsgeift bes Babsburger Berricherhauses in allen Landern geschaffen, die es unter fein Scepter gebeugt; die Gewaltbefehrungen und die Berletungen aller Menschenrechte waren in Böhmen und Defterreich nicht weniger emporend und schmachvoll gewesen, als im sublichen Frankreich und entbehrten noch bazu ber einzigen ibealen Frucht, die aus der bortigen Berfolgung bervorging, ber nationalen Sinigung. Denn die gange Geschichte bes sechzehnten, fiebenzehnten und achtzehnten Sahrhunderte liefert ben Beweis, daß nicht einmal in den deutsch-ofterreichischen Landern, viel weniger bei den Czechen oder Magharen, ein anderes als auf Gewalt und Anechtichaft gegrundetes Berhaltniß zwischen ben Berrichern und ben Beberrichten beftand, bag nur Defpotismus und Militarmacht einerfeits, Unterwürfigkeit und gezwungener Behorfam anderfeits obwaltete, bon einem nationalen vaterlandifchen Bufammenwachsen von Kurft und Bolt, von den geheimnisvollen Banden der Bietat und Loyalitat fo gut wie teine Rebe mar. In feinem Lande tritt bie Babrheit diefer Behauptung greller hervor, als in dem ungarifch-fiebenburgifchen Reiche, um deffen Befit zwei Sahrhunderte lang nicht nur Defterreich mit der Bforte rang, in bein auch alle Leiben und Drangfale, alle Roth und Trubfal fich lagerten, welche religiofe und politische Barteiung, ehrgeizige und felbftfuch. tige Tendenzen, eigenwilliger Egoismus und zelotischer Religionshaß zu erzeugen vermogen. Um der Reformation entgegenzuwirten, begunftigten die Sabeburger die Riederlaffung der Jesuiten in Ungarn; und doch war die lutherische Confeffion, die fich der beutschen Sprache ale Lehrmittel und ju ihren Cultushandlungen bedienen mußte, eine fruchtbare Pflangicule fur deutsche Bildung und deutsches Wefen. Indem somit bas öfterreichische Raiserhaus bem Jesuitismus und der lateinisch-katholischen Religionsform Borschub leistete, untergrub es das Rundament, auf bem eine bauernde Berrichaft beutsch-ofterreichischer Culturelemente batte empormachfen tonnen, und hielt zugleich die magharifche Boltsbildung nieder. Denn wie fehr auch immer die Jesuiten und die größtentheils der Frembe angehörige tatholifche Dierarchie befliffen waren, burch Grundung von Schulen und Lehranftalten ihren Doctrinen größere Berbreitung zu berfchaffen; ihr Bauptzwed mar boch nur, ber Regerei Ginhalt zu thun, den lutherifden und reformirten Lehrbegriffen entgegengutreten, nicht ber humanitat, nicht einer freien wiffenschaftlichen Menschenerziehung ben Boben zu bereiten. Selbst Cardinal Bazman, ber gefeierte Erzbischof bon Gran, ber feinem hoben Freund und Gonner, Raifer Ferdinand II. bald ins Grab nachfolgte, bezwedte mit feinen Erziehunge-Instituten boch nur ben Sieg und die Ehre feiner Rirche. Die deutsche Cultur wurde badurch in ihrem Laufe gehemmt, eine magharische wurde gar nicht verfucht,

tonnte gar nicht emportommen. So blieb benn Ungarn-Siebenbürgen im ganzen siebenzehnten Jahrhundert ein Ländercomplex ohne weltgeschichtliche Lebensvorgänge. Denn die fortwährenden Känupse zwischen deutschichtliche Lebensvorgänge. Denn die fortwährenden Känupse zwischen deutschischerreichischen und
türkischen Heeren, von Zeit zu Zeit durch mehrjährige Stillstandsverträge unterbrochen, bieten in ihren einförmigen länderverwüstenden Gräueln weder ein militärisches noch ein historisches Interesse. Die rege Theilnahme, die das Wassenleben mit seinen Thaten und Gesahren, seinen Anstrengungen und Wechselsfällen
sonst der Menschheit einslößt, konnte nur in seltenen Fällen geweckt werden. Die Habsburger Kaiser nannten sich Könige von Ungarn und sandten von Zeit zu
Zeit Stellvertreter in das Land, die als "Palatine" von Presburg aus das hohe
Gerrscheraunt verwalten sollten; aber im Osten der Theiß und Donau, in Riederungarn und Siebenbürgen galt das Wort des Pascha von Osen und der türkischen Clientelsürsten im Berglande "senseit des Waldes" mehr als das des fernen
Königs und seines Statthalters.

Bir find im Laufe biefes Berts icon mehreren Ramen begegnet, die von bem Siebenöflichen Lande aus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Stellung fich errungen haben : Batori, Bocs. burgen tai, Sabor, denen fich die Ratoczy anreihen. Bwifchen der öfterreichischen und tur-Afchen Oberherrichaft fich mit Rlugheit und Kraft durchwindend und bald an die eine bald an die andere Racht fich anlehnend, haben die Fürften von Siebenburgen und Oftungarn die einzige Autoritat befeffen, die in dem Lande der Berfahrenheit, der Barteiung, der Anarchie und Selbsthulfe noch einige Anerkennung fich ju verschaffen bermochte. Bocstai ftrebte nach einem engeren Bunde mit Defterreich : Bir wiffen, daß Bocstai. er mit Raifer Rudolf ben Biener Frieden folos, ber ben Abeligen und Stabten freie Religionsubung jugeftand und daß er auch die Turten jum Abichluß des zwanzigjährigen Friedensvertrags von Bfitwa-Lorot brachte. (XI, 806 f.) Allein wie konnte bei dem Sader im taiferlichen Saufe bon einer Befestigung oder Ausdehnung der öfterreichischen Macht im fernen Often bie Rebe fein? Der gute Bille ber Pforte mußte durch Jahrgelder theuer ertauft werden; die Magnaten leifteten nur Dienfte, wenn es ihrem Bortheile oder Parteiftandpuntte dienlich mar; der Biener Friede ficherte die Augsburgifden und helvetischen Confessionsberwandten fo wenig gegen Rechtsverlegungen als der bohmifche Majestätsbrief ihre Glaubensgenoffen in Bohmen. Ferdinand II. erlangte die ungarifche Krone nur nach Unterzeichnung einer Capitulation, welche feine Ronigsrechte ftart beschräntte (XI, 819, 823); ber unternehmende, aber mandelbare Burft Bethlen Gabor bermochte mehr als ber ferne, vielbefcaftigte Sabsburger. Bethlen Bahrend Diefer nach der Capitulation teine fremden Truppen in Ungarn halten durfte, tonnte Bethlen Sabor die einheimischen Streitfrafte in feine Dienfte gieben. Satte ber an Ranten und Projetten reiche Mann feine Stellung in ben erften Jahren bes langen deutschen Rrieges mit ftaatsmannischer Umficht und planmaßiger Energie benugen wollen, er hatte auf bas Schidfal Europas einen entscheidenden Ginfluß üben tonnen (XI, 838, 912). Alle er ben Schweden die Sand reichen wollte, farb er (XI, 928). 1629. Bethlen Gabor liebte Bifdung und Runft. Er rief ben Dichter Opig nach Siebenburgen und wußte fich in lateinischer Sprache mit Leichtigkeit und Bierlichkeit auszudruden; er spielte die Laute und Bioline. Bon feiner Sochzeitsfeier mit Ratharina von Brandenburg (1626) hat fich ein ausführliches Tagebuch erhalten mit genauer Befchreibung aller gestlichkeiten. Aber die Bringeffin machte im fernen Often dem beutichen Ramen fo wenig Chre, wie einft im Beften die fachfifche Gemahlin des Pringen von Dranien,

28\*

des Schweigers (XI, 620). Rach dem Tode Betglens vermochte fich die Surftin Ratharing nicht lange in der Burbe ju behaupten. Sie trat freiwillig jurud.

Unter den Parteitampfen, von denen nun das Land aufs Reue verwirrt wurde, Ratocib I. Der bahnte fich Georg Ratoczy den Beg zur herrschaft. Er wandte fich von Desterreich ab 1648. und erfaunte den turtifchen Gultan als "Erhalter und Schupherrn" bon Siebenburgen an. Die Stande legten ihm die Pflicht auf, der Pforte treu zu bleiben, "ba die teutsche Sulf, weil ce ein langfam Bolt, ju fern liege". Babrend Gerbinand II. gegen bie ebangelifden Reichsftande in Deutschland, gegen die Schweben und Frangofen im Rampfe lag, mar fein Cohn gleichen Ramens Ronig von Ungarn. Unter ihm wußten die Besuiten die Runft recht auszufinden, "die politische Egiftenz der akatholischen Bartei langfam aber ficher und mit vielein Schein von Rechtsformen ju gernichten". 1637. tatholifden Stande ertlarten in bemfelben Jahr, ba Berbinand III. auch im Reichsregimente feinem Bater nachfolgte, auf einem Reichstag in Prefbuog, bas ber Biener Briede den Protestanten zwar freie Religionbubung gemabre aber feine Riegen, und nahmen an allen Orten, wo die Altgläubigen die Oberhand hatten, die Gotteshäuser in ausschließlichen Befig. Gine verbitterte Stimmung gegen Defterreich verbreitete fich immer weiter in Ungarn, gerade als die Erblander Sabsburgs durch Corftensson ins Gebrange tamen (XI, 1000) und Ratoczy, ber fich mehr und mehr bei ber hohen Pforte in Bunft du fegen mußte, damit umging, feine herrichaft über Ungarn auszudehnen und in feiner Dynaftie erblich ju machen. Er erreichte feinen Bwed. 3m Jahr 1642 ermablten die Siebenburgifchen Stande feinen Sohn gleichen Ramens jum gurften. Als biefer im nachften Sahr die Erbin aller Bathorifden Guter heimführte, war die gamilie Rafoczy die reichfte in gang Siebenburgen und Ungarn. Damals forieb ber Balatin 3an. 1643. Efterhagy an Runig Ferdinand III. : "Die Abneigung der Landeseinwohner wird bauern, bis ihren Rlagen und ihren aus den Reichsverordnungen gefcopften Forderungen genug gethan ift; bis dabin ift von ihnen nichts Anderes als Unruhen ju ermarten; denn mas ihnen auch immerhin borgelegt werben mag, fie tommen in ihren Berathungen schleunig davon ab und brechen in Rlagen aus, daß fie fowohl in Religionsfachen als in ihren übrigen Freiheiten gefranft und beunruhigt murden, von allem dem aber, mas ihnen versprochen, in den Gefenartiteln befchloffen, von Gr. Dajeftat in der Capitulationsurfunde angenommen worden, gar nichts erfüllt fei; weshalb bie Sachen endlich dabin tommen wurden, bas die Ration entmeber ganglich untergebe. ader daß irgend eine fcredliche Menderung fich gewaltfam Bahn breche. Er, ber Balatin, habe dies icon oft gefagt, aber die Schwierigkeiten wurden nicht gehaben, fondern alle Rathichlage auf gelegenere Beit berichoben; unterdeffen nehme aber Bwiefpalt, Bermirrung und Die Gereigtheit der Gemuther auf furchtbare Art überhand". - Am Biener Bof fanden diefe Borftellungen tein Bebor; und felbft wenn man batte Abbulfe 1844. gewähren wollen, mare es fcon ju fpat gewefen. Denn mit Anfang bes neuen Sabres brach Ratoczy, nachdem er mit ben Schweden und Frangofen ein Bundniß gefchloffen und fic der Freundschaft der Pforte verfichert hatte, mit Deeresmacht in Ungarn ein. Bon dem protestantischen Abel als Retter empfangen und jum Fürften bon Ungarnausgerufen, erflarte Ratocap, daß er der Ration jur Berftellung ihrer politifchen und religiblen Freiheit verhelfen wolle. Bu teiner Beit tonnte bem Raifer ein Rrieg in Ungarn ungelegener tommen als damals. Bir wiffen, welche brobende Stellung Torftensfon nach dem danischen Feldaug von Reuem gegen die öfterreichischen Staaten einnahm (XI, 1003 f.); Ferdinand fucte daber mit dem Siebenburgifden gurften und den ungarifchen Unzufriedenen möglichst bald ein Abkommen zu treffen und willigte, als Ratoczy durch die Drohrede des Sultans Ibrahim erfchredt fich auf Unterhandlungen einlief, in

Sept. 1645. dem Frieden von Ling nicht nur in die Ahtretung von fünf ungarifchen Comitaten

an den Siebenburgifchen Kurften, sondern gewährte auch den Cvangelischen mehr Busteffandniffe als fie in irgend einem der fruheren Bertrage ju erlangen vermocht. Richt allein bas ben Religionsvertvandten Angeburger und belbetifcher Confession aufs Reue volle Religionsfreihelt jugefichert warb, alle unrechtmäßig entriffenen Rirchen, mehr als neunzig an Babl, mußten ihnen fammt den dazu gehörigen Ginfunften gurudgegeben merben.

Rach bein Abidelus bes weltfalischen Friedens, als bei bem Tobe Ratocap's I. unsarn. fein Sohn Georg Ratocap II. ben Fürstenftuhl in Siebenburgen unter Demanifcher Binepflicht und Coupherricaft beftieg, gebachten bie ofterreichischen Berricher Die itt Reiche verminderte Dacht durch feftere Bereinigung ibrer Erb. ftaaten au ftarfen, die durch die Friedensartitel von Mitnfter und Osnabrud gebundene taiferliche Autorität in den Ronigreichen und Territorien der öfterreichischen Monathie an einer mehr einbeitlichen Entwidelung an führen. Bu bem Awed wurde noch bei Rerbinands III. Lebzeiten an den ungarischen Reichstag in Presburg bas Anfuchen geftellt, Die Stande mochten dem bisberigen Babl- 1866. fpftette entfagen und bas Gefet aufftellen, bas ber Rouig in Butunft fraft bes Erbrechtes gum Thron gelange. Allein obwohl von einer freien Ronigswahl nur noch ein Schatten übrig geblieben war; fo faben boch die Ungarn in dem Bablrecht und ber bamit verbundenen Capitulationsurfunde bas Rundament ihrer nationalen Freiheiten, Die Magnaten Die Sauptfluge ihrer Brivilegien gegenüber bem Throne wie gegenüber ben Untergebenen. Der Reichstag wies baber ben Antrag mit Entidiedenheit gurid. Leopold wurde auf Grund ber bertommlichen Formen und Gelobniffe gum Ronig gewählt und am 27. Juni gefront. Bwei 1656. Jahre nachher folgte et feinem Bater in allen übrigen Sanbern bes Saufes Defterreich.

Die lange Regierung biefes Dabsburgers mar für alle feine Reiche eine Ralfer Rette von Unfallen und Diffgeschiden. Richt nur bag im Beften ber frangofische 1667-1706. Machtherefcher Die Reichsgreuzen bedrangte und beutsche Stabte und Band. schaften in rauberischer Weise an fich ris; auch im Often erhob fich die Macht ber Domanen au neuem Leben und wiederholte die Schredenstage früherer Sabrbunderte, und in Ungarn und Siebenburgen erzeugten die rechtsverachtenden Bewalttbatigfeiten ber eigenen Regierung und bet brennende Chrgeis und Baffenbrang des Fürsten Georg Ratoczo II. friegerische Bewegungen und Aufftande, welche Jahrzelmte bindurch die größten Erschütterungen und Bechielfalle im Staats- und Boltsleben bervorbrachten. Leopold, ber urfprünglich für bie Rirche bestimmt und als Geiftlicher erzogen, burch ben frühen Tob feines alteren Beuders Ferdinand zur Berrichaft gelangte, behielt auch auf dem Throne eine Bortiebe für tirchliche Angelegenheiten. Die Unterbrückung tegerischer Doctrinen galt ihm fets ale die erfte Bflicht; feine gange Bolitit wurde lediglich von donaftifden und katholifchen Intereffen geleitet. Da hatten benn die Sesulten einen weiten Spielraum zu Bwangebelehrungen und Berführungen, um die Sunde

und übermüthig in seinen Forderungen. Und nicht blos gegen bas gespaltene awietrachtige beutsche Reich behnte Louvois und sein bespotischer Gebieter bie Gewaltstreiche aus; auch Italien, bas an gleicher Schwäche und Bielgestaltigkeit litt, fühlte die Beißel der übermuthigen Tyrannei. Bu gleicher Beit mit Straßburg mar in Kolge eines Bertrags mit bem neuen Bergog Ferdinando Carlo von Mantua. Montferrat, ber für seine Lufte und Ausschweifungen mit Sangerinnen, Schauspielerinnen und Bublerinnen mehr brauchte, als trop seiner Kinangtunfte bas tleine Land aufzubringen vermochte, die Restung Cafale, ber Schluffel aum Mailandischen besett worden und ber verratherische aweidentige Unterhandler Mattioli, ber burch Gelb bestochen bem öfterreichischen und spanischen Sofe Mittheilungen gemacht batte, wurde, (wie Einige vermutben, unter ber

"eisernen Maste") auf Lebenszeit in Saft gehalten. Und nun bufte auch die Seerepublit Genua, Die icon lange ben Reid und Merger bes machtigen Rachbars

gereint, für die Unbanglichkeit an die alte Freiheit und an bas fpanischabsbur-17—28. Mai gifche Berricherhaus durch ein schreckliches Bombardement, in Folge beffen ber Dogenpalaft, bas Beughaus und viele ansehnliche Gebaude ber "Marmorftabi" gerftort wurden, und mußte nicht nur jede Berbindung mit Spanien abbrechen und fich mehrere Beschräntungen und Demuthigungen gefallen laffen, fondern

auch ihren Dogen nebft vier Senatoren nach Berfailles schicken, um in ben un-12. 3an. terwürfigsten Ausbruden bem Konig bas Bedauern auszusprechen, baß fie sein Mißfallen erregt habe. Satte boch bie reiche Sandelsstadt gewagt, für Spanien Galeeren zu bauen, auf die Martte Siciliens und Cataloniens Baaren zu liefern und der Regierung aus der Georgbant Darlehne zu machen! Darin fab Ludwig einen Abfall van der alten Oberlehnshoheit, unter welcher einst die Republit zu den franzöfischen Monarchen geftanden. Um Bofe zu Berfailles gab man fich damals gerne dem Gedanken bin, wie bie frangofischen Baffen gu Lande berrschten, so sollte Frankreich auch zur See das Uebergewicht erlangen. Es war befonders Seignelei, Colberts Sohn, ber biefes Biel verfolgte. feinen Augen ift bas Bombardement bon Genua bollzogen worden. Als ber frangofifche Gefandte dem Papfte die Urfachen des Strafgerichts wider Genua vortrug, fant der beilige Bater auf die Rnie und rief aus: Berr vertheidige du beine Sache! In Frankreich aber feierte man die Begebenheit durch eine Dentmunge! Die Belt mar in Schrecken gefeffelt, und boch hatte fie noch nicht bas Mergfte gefeben, wozu rechtsverlegende Willfur verbunden mit unbeschrant-

Die eiserne leber ben rathselhaften Gejangenen, ver unter De Donglaste. viele Jahre lang in verschiedenen Gesangniffen, in Bignerol, auf ber Insel St. Marguerik wacht und von jedem Bertehr mit ber Außenwelt abgeschloffen worden ift, find die verschiedenartigften Bermuthungen aufgestellt worden. Debr als ein Dugend Berfonlichkeiten, g. Eb. ber toniglichen Familie und ben erften hoffreifen angehorend, wurden namhaft gemacht, bie unter ber Maste von fcmatzem Sammet verborgen gewesen sein follten. Das mofteriofe Dunkel

ter Macht zu führen bermag.

regte bie Bhantafie und die Reugierbe an und bas Gefallen ber Welt am Bunberbaren und Romantifchen führte zu ber Bermuthung, bas ein ungludliches hochgestelltes Opfer bes Despotismus unter der geheimnisvollen Gestalt ju fuchen fei. Gine neue Schrift (La verité sur le Masque de fer par Th. Jung, Deutsch von Mug. Riefe, Greifem. 1876) sucht nun barguthun, bas nicht ber Mantuanische Gefandte, Graf Dattioli, ber icon im Apr. 1694 auf ber Infelfefte St. Margubrite ftarb, mabrend Die "Eiferne Ratte" noch gefin Sabre langer in ber Baftille fas, ber Gefangene gewefen fein tanne, faubern ein abenteuerlicher Ebelmann aus Lothringen, ber unter mehreren Ramen fich in ber Belt umbergetrieben und an ber Spipe eines weitverzweigten Complots gegen bas Leben bes Ronigs gestanden. Durch Berrath und nachtlichen Ueberfall in die Sande Louvois' geliefert, fei er ohne Broces und Rechtsfpruch in ficherem Bewahrfam gehalten worden, weil burch ein öffentliches Gerichtsverfahren ju viele hochgeftellte Berfonen als Mitfouldige entbedt und fomit im Auslande irrige ober nachtheilige Borftellungen über die öffentliche Gefinnung verbreitet marben wären. "Durch 31 jahrige elende, harte Gefangenschaft, beraubt ber Luft, ja faft bes Lichts, ju einer fürchterlichen Ifolirhaft verdammt, fo foließt die Schrift, bat ber Ungludliche (Mr. de Marchiel) feine Schuld gefühnt und muß noch beute unfer Ditgefühl in Unfpruch nehmen, tropbem ber Rimbus von ihm gewichen und wir in ihm nur einen Wenteurer, einen Berfchwörer, vielleicht fogar einen Genoffen ber Giftmifder ju erbliden haben". Das Refultat wird fdwerlich große Befriedigung gewähren.

# II. Defterreich, Ungarn und Die Türkei.

Leopoldi magni Caesaris. 1719. — Mémoires de Monte cuculi Amst. 1756. 8. — G. D. Teutfc, Gefc. ber Sierbenbürger Sablen Beldwift. Bien 1869. — Arneth, Ledburger Beldwift. Bien 1869. — Aber Beldwift. Biellens von Baden Feldwig wie en Beit. Gefc. Bien 1869. — Arneth, Ledburg Billelms von Baden Feldwig wier 1863. — Aber D. Dierbberg. Bien 1863. — Aber D. Dierbberg. Bien 1863. — Aber Die Schriften über Sohann Sobiesty von Bildof Balusti, von Salvandy u. a. sind bei der Gesch. von Polen angeführt. — Pach ner v. Eggenstorf, Sammlung von Reichsbeschillsen seit 1663.

#### 1. Siebenbürgen und die Pforte.

Wenn man den Franzosen zum Borwurf machen wollte, daß sie sich frei- Definitique willig in Anechtschaft begeben, sich der absoluten Gewalt eines despotischen Selbst- berrschers in stummer Unterwürfigkeit gefügt hätten; so konnten sie auf die Buttande jener Staaten hinweisen, wo es nicht gelungen war, die vereinzelten Arafte und Parteien unter einen Einzelwillen, unter eine höchste Autorität zu bannen, wo ehrgeizige selbstsüchtige Factionen das geschichtliche Leben bestimmten und besterzschun, wo über inneren Kämpfen sich keine nationale Cultur, kein würdiges politisches Daseim zu entwickeln vermochte, ja die Keime und Ansahe dazu wieder verstümmerten aber untergingen. In allen Ländern des öftlichen Europa lag das wonarchische Peinzip mit seinblichen Gewalten im Widerstreit, die keine einheitliche

# 440 E. Die letten Sahrzehnte bes 17. Sahrhunderts.

fdritten und neue Bojewoben eingefest, fielen fle in Siebenburgen ein, Dord und Berwiffung vor fich bertragend. Alles finchtete fich in die Stadte oder Balber. Das Burgenland mit Kronftabt, wohin bie Barbaren gunachft ihren Bug richteten, hatte am meiften zu leiben. "Am 11 Sonntag nach Trinitatis", beißt es bei Teutsch, "am Tage bes Evangeliums von ber Berftorung Berusalems, in ber die Beitgenoffen wehklagend ein Bild der Gegenwart fahen, brannten die Sataren am hellen Mittag Renftadt und Beibenbach nieber. Tags baranf Beiben und Rofenau; allerorts wurden ble Ginwohner gefangen, gebunden, mishanbelt; wer burch bie Scharfe bes Schwerts fiel, tonnte noch gludlich gepriefen werben. Bei ber fteinernen Brude bor ber Blumenau mar Menfchenmartt; um zehn Thaler verkauften fie Reltere, um vier hufeisen war eines Rindes Leben feil, mas nicht aufaing, wurde in bie Sclaverei geschleppt ober in Stude gehauen". So mar bas Loos bes gangen Lanbes. Einige ber größeren Stabte, wie Bermanuftabt und Claufenburg entgingen dem Berberben durch bobe Gelbfuumen; Beigenburg bagegen, die fürftliche hofftabt, fant in Trummer und Afche; fie wurde gur "fcmargen Bura", wie fie die Beitgenoffen fortan nannten. Balb langte ber Grodwefir felbit mit neuen Beerhaufen an. Nach Bereinigung fammtlicher Streittrafte batte er eine Truppenmacht von mehr als 200,000 Mann unter feinem Dberbefehl, verwilderte Rrieger, die teine Schonung und Barmbergigteit faunten. Ratoczy barg fich mit feinem fleinen Gefolge in den unzuganglichen Balbern und Relfenthalern, wahrend Achatius Barefan, bet fruber als Gubernator fich bie Bufriedenheit ber Turfen und der Gingebornen erworben batte, nach bem Relbe von Jeno eilte, um zu ben Fugen bes Gewaltigen Gnabe für bas Land au erfleben. In feinem Prachtzelte ernannte ber Grofwefir ben bor ihm Rnien. ben jum Behnfilrften von Siebenburgen. Bugleich erhöhte er ben Tribut pon 15,000 auf 50,000 Ducaten und legte bem Lande eine Rriegsentschädigung von einer halben Million auf. Die Stanbe fügten fich bem Machtgebote; ju Schaf.

11. On. burg schwuren sie dem neuen Fürsten den Eid der Treue. Der Sachsengraf 1658. Johannes Lutsch, der einst in Strafburg seine Studien gemacht, und zwei Edelleute mußten dem Großwesir als Geißeln nach Koustantinopel folgen, als die Borgänge in Asten bessen schwelle Abreise nöthig machten.

Das strenge Regiment und die durchgreisenden Reformen des türkischen Staatsricht in
Alepvo, mannes hatten unter den Statthaltern und Sandschalbegs große Unzufriedenheit erzengt;
auch die Ianitscharen und Sipahi waren unwillig, daß das zuchtlose, ungedundene
Leben, an das sie sich so lange gewöhnt hatten, nun aushören sollte. Diese Misstimmung benutzt ein kühner Abenteurer, Abasa- Hafan, um eine Empörung zu erregen,
die sich bald über ganz Borderasten verbreitete. Murtasa-Pascha, der den Aufruhr
unterdrücken wollte, wurde in einer blutigen Feldschacht bei Ighun aufs Haupt geschlagen. Er zog mit dem Reste seiner Armee nach Aleppo, wo sich bald auch Köprili
einsand. Abasa-Hasa und die Gnade des Großherrn zu Theil werden würde, gleichfalls
17. Febr. nach Aleppo gelockt. Sin stöhliches Mahl, dis in die Mitternacht verlängert, sollte die

Berfohnung beflegein. Da erionie ein Ranonenfcus; alebalb wurde Abafa-Safan mit breißig feiner Geführten ermorbet und zugleich die in ber Stadt zerftreut liegenden Insurgentenbaupter überfallen und niedergemacht. Damit mar die Rebellion ins Berg getroffen. Die übrigen Schuldigen und Berbachtigen wurden bald ebenfalls von der Rache ereilt. Dreißig Ropfe von Bafchas und Begen wurden dem Sultan nach Ronfantinopel gefandt, jum Beweis, wie ber Groß-Befir Roprili Aufruhr und Ungehorfam ju ftrafen wiffe.

Köprili eilte von Afien nach Abrianopel, um die friegerischen Bewegungen, Mategung. die seit seiner Abwesenbeit von Reuem in den Donaulandern ausgebrochen waren. Ratoczy batte abermals die Baffen ergriffen, um bem turfischen Schubling Barcfat Die Fürstenkrone bon Siebenburgen wieder bom baupt au reißen; Dichne, ein übermuthiger Grieche, ber fich jum Eprannen ber Balachei aufgeschwungen und ein Regiment bes Schredens errichtet batte, reichte bem Rach. barn die Sand zum Baffenbund. In Siebenburgen gablte Ratoczy noch viele Anhanger, namentlich ftanden die Szeller gang auf feiner Seite; felbst Barcfap mare nicht abgeneigt gewesen, ibm ben Blat zu raumen, hatte ber Pafcha von Ofen ibn nicht auf seinem Bosten festgehalten. Go brach benn bie Rriegsfurie jum zweitenmal los. Michne murbe von den Tataren bei Jaffy aufs Saupt geschlagen Sept. 1859. und fein Feind Shita von Röprili auf den Fürftenftuhl erhoben. Mit den Trummern seiner Armee erreichte er Siebenburgen, um im Berein mit Ratocab ben Kampf zu erneuern. Aber die blutige Riederlage, die ihnen Sidi Ahmed, Bascha 22. Rov. bon Dfen bei Deba an der Marofd beibrachte, vernichtete alle hoffnungen. Für Ratocap blieb nichts übrig, als ein ehrenvoller Tod; und diefen follte er im nach. ften Frubjahr finden. Er belagerte Bermannstadt, das Barcfan zu seinem Sit Da hörte er, daß Sidi Ahmed mit einem großen Beer gum Entfat berbeigoge. Alebald gab er die Belagerung auf und rudte dem Baicha entgegen: er mit 6000 Mann gegen 25,000 Feinde. Bei Samosfalva unweit Rlaufenburg tam es zu einem blutigen Busainmentreffen. Ratoczy fturzte fich an der 22. Mai Spite von taufend Reitern in bas bichtefte Schlachtgetummel, die feindlichen Reiben burchbrechend; aber von ber Daffe übermaltigt fant er aus vier Bunden blutend ausammen. Sein Kall war für seine Leute bas Beichen aur unaufbaltfamen Blucht. Salbentfeelt wurde Ratoczy von einigen Betreuen nach Großwardein gebracht, wo er zwei Bochen fvater feinen Geift aufgab, taum neunund. 6. Juni 1660. breifig Sabre alt. Geine Baffengenoffen tamen größtentheils um, die Ginen in ber Schlacht, die Andern auf ber Flucht. Gegen 4000 Ropfe follen als Sieges. zeichen nach Abrianopel geschafft worden sein, wo fie Röprili ben Hunden vorwerfen ließ. Run rudte Sibi Ahmed-Bafcha bor bie Mauern von Großmarbein : allein die muthige Befatung und Burgerichaft vertheidigte unter ber Anführung des unlängst aus der tatarischen Gefangenschaft beimgekehrten Johann Remenn die Stadt fo tapfer, daß die Turten erft nach zweimonatlicher angestrengter Belagerung burch Bertrag die Festung in ihre Gewalt brachten.

30, Aug.

Barcfan, der durch seine schwache Haltung wie durch die drudende Gintrei-Rement. bung ber ben Osmanen schuldigen Rriegsentschädigung bas Bertrauen und bie Buneigung des Bolfes eingebust hatte, entfagte feiner Burde, worauf bie Stande 1. 3an. 1861. ben Bertheibiger bon Großwarbein, Johann Rement zum Fürften mablten. But Siebenbargen mar burch die Beranderung menig gewonnen. feine Reigung zeigten, ben neuen Lehnfürsten anzuerkennen, vielmehr mit einer Biederholung ber Feindseligkeit brobten, wenn nicht Barcfan wieder in fein Amt eingeset wurde; fo suchte fich Rement in eine Lage zu verseten, baf a fich mit Bewalt zu behaupten vermöchte. Bunachft ließ er die beiben Bruber Barcfat, die in dem gegrundeten Berdacht ftanden, mit den Turten verratherische Berbindungen zu unterhalten, in Saft nehmen und erft ben jungeren, Andreas Dai 1801, nach vielen Folterqualen burch ben Strang hinrichten, bann auch ben altern meuchlings überfallen und ermorben. Alsbann fette er fich mit Raifer Leopold in Berbindung, ber ichon feit langerer Beit einige beutsche Regimenter unter bem Grafen bon Souches in die ungarischen Stadte an der Siebenburgifchen Grenze gelegt hatte, um von Desterreich Sulfe gegen die Pforte zu erlangen. Ungar von Geburt und der tatholischen Rirche angehörend, fand Rement in Bien mehr Sympathien ale einft Ratocab, ber früher gleichfalls mit bem Raiferhof unterhandelt hatte.

Der Biener

Bahricheinlich hatte fich die taiferliche Regierung noch ferner bamit begnügt,

Bforte. einige unzulängliche Streitfrafte in den Grenzlanden zu unterhalten, die je nach bein Bange der Dinge die Babsburgischen Interessen mabren, aber alle direften Reindseligfeiten mit ben Demanen vermeiben follten, mare nicht der Ueberinuth und Die Brutalität der Pforte fo grell hervorgetreten, daß das ganze driftliche Abendland in Aufruhr gerieth. Richt nur daß die Tataren und andere wilde Solbaten, haufen das Siebenburgifche Land befest hielten und mighandelten, ber Dfener Cept. 1061. Pafcha ernannte eigenmächtig ben Dichael Apaft, einen Ebelmann von fcud terner untriegerischer Ratur, der wie Remeny lange als Gefangener bei den Lataren gelebt hatte, fast wider feinen Billen gum Fürften bon Siebenburgen und amang bie Stande ju beffen Anerkennung. Bon ber bertragemäßigen Rechteftellung war somit teine Rede mehr; im Divan hatte man offenbar bie Abficht, bas Siebenburgische Land mit allen Städten unter die unmittelbare Berrichaft bes Gultans au awingen. Dies durfte man in Bien ichon wegen Ungarn nicht zugeben. Roch einmal betrat man jedoch ben Beg ber Unterhandlungen; erft als die Gefandten bon bein Groß. Befir barich gurudgewiesen murben, ichidit bie taiferliche Regierung zwei Beere unter bem erfahrnen Felbmaricall Raimund bon Montecuccoli aus dem Modenefischen und dem Grafen Johann Richard von Starbemberg nach der mittleren Donau und an die Theiß. Der taiferliche Oberfelbherr batte gerne einen entscheibenden Schlag geführt; er traf bereits alle Anftalten jum Uebergang über die Donau, ju einem Angriff auf Gran und Ofen.

Dies war aber gegen bas öfterreichische Spftem. Montecuccoli beflagt fich bitter

in feinen Dentwürdigfeiten, daß ber Rriegsrath in Bien burch feine Borfdriften und Beisungen alle Rriegsplane gelahmt und vereitelt batte. Er mußte nach . Oberungarn ziehen, wo er leere Magazine und eine feindliche Bevolkerung fand, jo daß in Folge von Rrantheit und ichlechter Berpflegung mehr Soldaten bingerafft wurden, als eine Schlacht gefoftet baben wurde. Er lag unthatig in Klaufenburg, indes Ali-Bafcha von Barfabely aus feine Unterjochungsplane burchführte. Das jur Berzweiflung gebrachte Land flehte Remeny an, er moge bem bon ben Eurken eingesetten und unterftutten Rivalen Apafy ben Plat raumen; Remeny berließ fich auf die Bulfe Desterreichs und beharrte bei feiner Burde. Aber was tonnten ihm die 2000 Mann belfen, welche Montecuccoli ihm abgab? Als er bei Schafburg feinem von Demanischen Gulfevollern umgebenen Gegner ein Treffen lieferte, wurde er in der Feldschlacht befiegt und auf der Flucht in sunipfigem Boden niederfturgend von Pferden gertreten.

1662.

## 2. Sankt gotthardt und der Friede von Vasvar.

Rach Remeny's tragischem Ausgang trat die Gefahr eines Rrieges awischen Die Robrill. Defterreich und der Pforte naber. In Bien wollte man Apafy, ben Schubling ber Osmanen nicht als Fürsten von Siebenburgen anerkennen und noch meniger durfte man in Konftantinopel auf Rachgiebigkeit rechnen. Dort war ber achtzigjährige Großwestr Mohammed Röprili turz zuvor gestorben. Fünf Jahre 1. Rov. 1061. hatte er feines Umtes gewaltet und mabrend ber Beit follen fechsundbreißigtaufend Menschen eines gewaltsamen Tobes gestorben fein; ber Aga allein bat viertausend aus bem Bege geräumt; benn im Innern waren die Beinde ber bestehenden Ordnung nicht minder thatig als von Außen. Die neuen Darbanellenichlöffer, die der Befir bauen ließ, gaben Beugniß, für wie nothwendig er es bielt. eine festere Schupwehr fur die Hauptstadt ju schaffen. Seine Stelle erbte fein Sohn Abmed Röprili, ben Pietat und Raturanlage auf die von bem Bater gewiesene Bahn führte, ein Mann bon einunddreißig Sahren und entschloffen feine gange Mannestraft ber Bergrößerung und bein Ruhme bes Baterlandes au widmen. Und wie er Candia dem Ofmanischen Reiche einverleiben wollte, so follte auch Siebenburgen in ben unmittelbaren Befit bes Großberen tommen. ein Baschalit, ein Erbland werden.

Gegenüber einem folden Staatsmann und Rriegsfürften, bes mit praftifch Die Tarten in Ungarn. flugem Sinn und energischem Billen auf ein beftimmtes mit flarem Blid erfastes Biel losging, mußte eine Regierung, wie die öfterreichische, die mit halben Maßregeln und fleinlichen Mitteln operirte, die anders scheinen wollte als fie in Birflichteit gefiunt mar, und Reben- und Schleichwege bem offenen Auftreten vorzog, balb in Rachtheil tommen. Als man in Bien, wo Graf Johann Ferdinand von Portia, bes Raifers Gunftling Die Staatsgeschafte leitete, fich noch ber trugerischen hoffnung bingab, ber offene Rrieg tanne vermieden werden,

führte Roprili feine mohlgerfifteten Beerfcaaren bereits in Gilmariden über Effet Juli 1663, und Belgrad nach Dfen. hier richtete ber Gewalthaber, ber nach ber Bereinigung aller Truppentheile eine Streitmacht von 200,000 Mann unter feinem Oberbefehl batte, an die bestürzten Besandten folde Forderungen, bas fie einer Rriegeerflarung gleich tamen. Run mußte man auch in Defterreich jum Schwert greifen. Aber wie gering waren die Streitfrafte, die man bem Feinde entgegenstellen tonnte, wie mangelhaft bie Muftungen ber über bas gange gand gerftrenten Beere! Die ofterreichischen Truppen, die unter Souches, Montecuecoli, Beter und Riffas Bring ben Bormarich Roprili's aufhalten follten, waren ichwach und bon einander getrennt, die ungarifden Miligen, frifd eingefleibete Bauern, maren ohne Uebung und Rampfluft und ftets jum Musreigen bereit; Die beutschen Regimenter, welche ber Regensburger Relchstag unter erschwerenden Bedingungen bewilligte, ftanden noch in weiter Berne, ber Ronig Johann Cafimir von Bolen, ber Bulfstruppen augefagt batte, mar anderweitig beschäftigt. Der Bof verlegte feinen Sit nach Ling, für die eigene Sauptstadt beforgt. Als Graf Forgacy bas ber-Mug. 1663. anrudende Turfenheer bei Gran am Ueberfegen über bie Donau verhindern wollte, wurde er gurudgeschlagen; 1200 Gefangene lief ber Groß-Befir por ben Mugen bes öfterreichifchen Unterhandlers Goes, ber bem feindlichen Beer folgen inufte, nieberhauen. Mitte August ftanden die Ofmanen vor ben Mauern von Bagbaufel. Mit ber größten Tapferfeit vertheibigte bie fleine Befatungsmann. fchaft die Beftung gegen die feindliche Uebermacht und fchlug alle Sturme gurud; aber nach viermonatlicher Belagerung mußte ber ichmach befestigte Ort fich ver-

24. Sept. tragsweise unter ehrenvollen Bebingungen ben Turten ergeben. Roprili gewährte ben Protestanten freie Religionenbung, woburch er fich viele Bergen gewann. In ben nachsten Bochen unterwarfen fich auch Reutra, Fretiftabt, Rovigrad und andere befeftigte Orte. Bis Brunn und Olmus ftreiften turtifche und tatarifde Rriegshaufen und plunderten und branbichatten Sand und Stadte. Die gange Chriftenheit mar in Sorge und Unrube. Beniger ben Bertheibigung anftalten, welche Montecuccoli um Pregburg und die Infel Schütt getroffen, als ber minterlichen Jahreszelt war es zu banten, bag Ahmeb Röprili nicht weiter vordrang.

Rriegerifcher.

Diefe Binterruhe tam ben Defterreichern fehr zu ftatten. Babrend ber tapfere Graf Ritlas Bring, Ban von Croatien, ber im Gegenfat zu bem methobischen Italiener Montecuccoli ben Krieg mit bem Ungestüm eines Raturalisten führte, von feinem Schloffe Serinwar aus Streifzuge nach Siten und Often unternahm, die Brude von Effet nieberbrannte und ben Efreten allenthalben Schaden gufügte; erhob fich bas Abendland aus feiner Gleichgultigfeit. Der Reichstag von Regensburg, bei bem fich Leopold felbft gegen Ende bes Jahres einfand, bewilligte eine großere Reichsbulfe an Retterei und Rugbolt und brei Romermonate fur bie Rriegetoften und ernannte, ba ber Rurfürst von Brandenburg ben Oberbefehl ablehnte, ben Markgrafen Bilbelm Leopold von Baben jum Reichsfeldmarfchall. Auch Ludwig XIV. ftellte für Elfaß ein Bulfscorps

von 4000 Mann zu Fuß und 2000 Reitern unter dem Oberbefehl des Grafen Coligny zum Reichsheer; einer unmittelbaren Theilnahme standen politische Rudssichten im Weg. Italien und Schweden zeigten den guten Willen, dem Feinde der driftlichen Cultur und Gesittung sa viel sie vermochten entgegen zu wirken; England und Holland dagegen hatten nur ihren Levantinischen Handel im Auge und weigerten jede Unterstühung.

So tounte benn im Fruhjahr ber Rrieg in Ungarn mit mehr Erfolg geführt Grinligen werden. Roch ebe Röprili, der in Belgrad neue Mannichaft an fich gezogen, auf Baffen. ber wiederhergestellten Brude von Effet feinen gurudgelaffenen Eruppen gu Gulfe fommen tonnte, eroberten die Raiferlichen unter Souches die Feftung Reutra gurud und zogen bann an die Gran gegen ben bor Lewenz gelagerten Bafcha von Ofen: 2. Mai 1664. und wenn auch bei Ranischa und Serinwar der von Brind mit wenig Ueberlegung und Bedacht unternommene Belagerungefrieg durch ben Großwefir felbst jum Rachtheil ber Ungarn und Defterreicher ausgefochten marb; fo gab boch die an Main- Juni. beiden feften Orten bewiesene belbenmuthige Tapferteit und Ausbauer bem gangen heer einen moralifchen Aufschwung. Diefer wurde noch gesteigert ale es bem Grafen Souches gelang die ofmanisch-tatarische Armee vor Lewenz aufs Saupt 10. Juli. ju folagen. Sechstaufend Leichen bedten bas Schlachtfeld, barunter bie Bafchas von Dien, Reuhäusel und Erlau und viele Sauptleute; Die Babl der Gefangenen war nicht groß, ba die Tataren in wilder Flucht bavoneilten, bagegen murben Kabnen. Geschutz und alle Bagen mit ber aus ganz Ungarn und Siebenburgen aufgnumgeraubten Beute erobert. Unter bem frifden Ginbrud biefer Siegesthat, welche die Tafchen ber Soldaten mit Gold und Silber füllte, lieferte Montecuccoli, in deffen Sande der Raifer Die Oberleitung bes gangen Rrieges gelegt batte, dem Großwefir felbst die dentwürdige Schlacht bei dem Ciftercienserflofter St. Gottbardt auf bem rechten Ufer ber Raab und brachte bem Turten. heer, 45,000 Mann Kerntruppen eine vollständige Riederlage bei. Ein großer 1. Aug. 1864. Theil des Heeres, bas Roprili vor die Mauern von Bien zu führen gebachte, lag erichlagen auf bein Baffenfelde ober murbe von den Bellen bes Fluffes binabgetrieben. Seit drei Sahrhunderten hatten bie Chriften teinen fo glanzenden Sieg über die Ungläubigen in ber Feldschlacht bavongetragen. Alle Rationen theilten fich in die Ebre, denn alle hatten mit gleicher Tapferteit gestritten.

Aber wie groß immer der Bassenruhm für die theilnehmenden Boller war, Der Friede die Erfolge waren gering genug. Die österreichische Regierung, die aus früheren Grsahrungen wußte, daß die aus verschiedenen Bestandtheilen zusammengesete Seeresmacht nicht lange im Felde gehalten werden konnte und die gereizte Stinunung der Ungarn kannte, beeilte sich, durch unmittelbare Berhaudlungen mit dem Großwesir selbst, eine Beendigung der Feindseligseiten herbeizusühren. So wurde wenige Bochen nach der Schlacht der zwanzigsährige Friede oder Wasseustillkand nug. 1664. den Basbar auf Grund der bestehenden Berhältnisse abgeschlossen, der den Desterreichern keinen andern Gewinn brachte, als daß sie auf einige Beit vor

#### E. Die letten Sahrzehnte bes 17. Jahrhunderts. 446

türfischen Angriffen gesichert waren, mabrend die Ofmanen in Siebenburgen und Ungarn behielten mas fie erobert und befest hatten und gegen bie Benetianer freie Sand betamen. Apafy follte Fürst von Siebenburgen bleiben und nach seinem Tob bas freie Bablrecht ber Stande in Geltung treten; ber Raifer gewährte dem Sultan ein "freiwilliges Beichent" von 200,000 Gulben und gab ju, bag nicht nur Großwardein, sondern fogar Reuhaufel, faft im Angefichte Biens, in turtischem Befige verblieb. Es war begreiflich, daß sowohl die Ungarn als die deutschen Reichsfürsten mit größtem Unwillen auf eine Uebereintunft blidten, die ohne ihre Mittvirkung und unter so schmachvollen Bedingungen abgeschloffen worden. Die beiben Berricher aber feierten bie Berftellung bes Friedens burd glangende Geschenke, Die fie einander auschickten.

### 3. Aufstande und Reaction in Ungarn.

Mationale

In Ungarn berrichte große Berftimmung. "In feinem Kronungseib bat und religible Der Raiser geschworen über Rrieg und Frieden die Ginwilligung des Reichstags einzuholen und nun fchließt er auf eigene Sand einen Bertrag mit dem Gultan, ber das Konigreich beiben als Beute ausliefert". Derartige Reben wurden in ben Rreisen ber ungarischen Magnaten geführt; felbft ber Palatin Beffelengi und der sonft dem Raiser so ergebene Graner Erzbischof Lipzay meinten, ein Umfonft berief Fürft Lobtowig, der folder Frieden fei schlimmer als Rrieg. feit Portias Tod an der Spige des Ministerraths ftand, mehrere ber einflußreichsten Abeligen nach Bien, um ihnen eine beffere Anficht beigubringen; ber ungewöhnliche Schritt steigerte die Difftimmung. Die Bermehrung ber beutschen Truppen in den Städten an der Theiß und in Oberungarn schien die Ab. ficht anzukundigen, die nationalen Rechte und Freiheiten allmählig zu befeitigen; die Hoffdrangen in Bien sprachen höhnend, man werde den Magyaren die toftbaren Reiherfedern von den Guten und die filbernen Anopfe von ihren Roden reißen und ihnen Joch und Bugel über den ftolgen Raden werfen. Gine Bittichrift um Entfernung ber beutschen Besatungen, die nach dem Abichluß bes Friedens unnöthig feien, fand teine Beachtung. Und doch maren diefe fo verhaft, baß fie fich in den Stragen nicht feben laffen durften, ohne verhöhnt und infultirt zu werden. Man borte häufig die Aeußerung, lieber türkisch als öfterreichisch! Besonders war diese Anficht unter den Brotestanten verbreitet, weil fie unter Demanifder Berricaft ihres Glaubene leben burften, mahrend mit bem öfterreidifden Regierungefpftem Religionebrud und Betehrungeeifer verbunden waren. So vereinigten fich die zwei heftigsten Leibenschaften, nationale Antipathie und religiofer Glaubenseifer zu einem glübenden Bag, ber fich zulet in Complotten und Aufruhr Luft machte.

Einige ber angesehensten und reichsten Magnaten, Bring, Beffelengi, Ra-Gine Ber fombrung. basby, Frangipan u. a. benutten die Hochzeitsfeier bes jungen Frang Ratoczy mit Belena Bring, um eine Berichwörung zur Erhaltung und Berftellung der nationalen Freiheit und Berfaffung zu bilben. Bunachst hatten fie ben Plan, ben Raifer Leopold, ber gerade bamals feine spanische Braut abholte, auf der Reise 106a. gefangen zu nehmen und ihm bas Bersprechen abzunöthigen, die den Ungarn feindlich gefinnten Minister an entlaffen, die deutschen Goldnertruppen aus bem Lande zu gieben und freie Religionsubung ju gemahren. Das Borbaben murbe jeboch vereitelt, weil der Raifer einen anderen Weg einschlug. Auch der Berfuch, burch ben Fürsten Apasty ben Beistand ber Pforte zu erlangen, schlug fehl; Ahmed 1667. Röprili, bamals mit bem Candiotischen Rrieg beschäftigt, wollte nichts von einem Friedensbruch boren. Durch den Dragoman ber Pforte erhielt der taiferliche Gesandte in Constantinopel, Casanova, Runde von dem Borhaben und meldete es nach Bien. Sier beschloß man die Gelegenheit zu benuten, um die Saupter ber Maleontenten zu Falle zu bringen und zugleich mit den verhaften Rechten und Brivilegien aufzuräumen. Man mußte jedoch vorfichtig zu Berte geben, ba die Beschuldigten durch Macht, Reichthum und Stellung in der Lage waren, der Gewalt mit Gewalt zu begegnen. Lobkowit wartete daber einen gunftigen Beitpunkt ab und fuchte durch Rundschafter und Berrather überzeugende Beweisfinde zu erhalten.

Die öfterreichische Regierung erreichte ihren Bwed. Satten die Berfcmor. Bradeige nen Anfangs nur die Sicherftellung ihrer nationalen Rechte im Auge, fo traten bald, als Wesselelenhi, die Seele der patriotischen Partei im Marg 1667 ftarb, 28. Mars andere perfonliche Motive in ben Borbergrund und ftorten die Eintracht und bas Bertrauen. Beter Bring, ber die durch ben Tob seines Bruders erledigte Stelle eines Ban von Croatien erhalten batte, trug fich mit dem ehrgeizigen Gebanten. er tonne, wie dereinft Bapolya, als turtischer Clientelfürft über Ungarn herrschen. während fein Eidam, Frang Ratoczy die väterliche Burbe in Siebenburgen erlangen follte. Radasdy hoffte mit Gulfe der Berfdworer, benen noch ber reiche Stepermarter Graf Tattenbach und Stephan Totolp beigetreten maren, Die Balatins. wurde babon zu tragen. Durch biefe eigensuchtigen Bwede Ginzelner murbe bas innere Band gelodert; gegen Ratoezy begten die Protestanten Mißtrauen, weil seine Mutter Sophie die Jesuiten begünstigte und die Zwangsbekehrungen ihrer nichtfatholischen Unterthanen mit fanatischer Leibenschaftlichleit betrieb. Dennoch verfolgten die Malcontenten ihre consviratorischen Blane. Brind und Ratocab nahmen Soldner in Dienft; Tattenbach und Frangepan unterftütten fein Borhaben im Suden; die Grafen Nadasdy und Totoly wirkten in Oberungarn für denselben 3med; mit der Turtei wurden die Berhandlungen fortgesett, auch mit Ludwig XIV. Berbindungen eingeleitet.

Lobtowis war von den Umtrieben der Magnaten unterrichtet; aber er Chidfale fannte weder die Ausdehnung noch alle Theilnehmer. Er ahnte wohl, daß es schwornen auf eine Lostrennung Ungarns von Desterreich abgesehen sei, aber seinen Ageneten, die nach dem Grunde der Unzufriedenheit und der kriegerischen Bewegungen

forfchten, wurde erwiedert, bas Land verlange die Entfernung der beutichen Befagungetruppen und freie Religionenbung für alle Confessionen. Lobtowis, ber Die Magharen und die Protestanten von Grund ber Seele hafte, war jeboch weit entfernt, diefem Berlangen gu willfahren, vielmehr wurden die beutfden Golbnertruppen verftartt. Da erhielt bas Wiener Cabinet burch einen ungetreuen Diener Tattenbachs Beweisstude, welche ihm die willtommene Beranlaffung gaben, auf criminalgerichtlichem Bege gegen bie Barteibaupter vorzugeben. Ausgelieferte Briefe verriethen bie Namen aller Theilnehmer ber confpiratorifden Umtriebe. Die Regierung schickte sofort einige beutsche Regimenter unter ben Grafen Sport und Spantau nach Ungarn ab, um die friegerifchen Bewegungen nieberzuhalten und fich zugleich der Führer zu bemächtigen. Bring, beffen unbegablte Soldnerhaufen großentheils auseinander gelaufen maren, bermochte nicht lange zu wiberfteben. Der Dann, ber noch bor Aurgem bon einer Ronigefrone getraumt batte, verlor ploglich fo febr allen Muth und alles Gelbftwertrauen, bas er die Gnade des Monarchen anzurufen beschloß und zu dem Breck, burch tragerifche Berfprechungen von Seiten bes Miniftere Lobtowit ficher gemacht, mit Frangepan nach ber hauptftabt reifte, um bor bem Raifer fich ju rechtfertigen. Auf bem Bege tehrten fie bei ihrem Gaftfreunde Reri ein. Diefer mocht Bweifel faffen, ob fie ihr Borhaben auch wirklich ausführen wurden. Er mel-

April 1870. bete ben Borfall nach Bien und erhielt die Beifung, die beiben Edelleute ficher nach ber Sauptftabt zu geleiten. Dort wurden fie fogleich in Saft genommen und gegen fie, fo wie gegen ihre Genoffen Rabasdy, Ratoczy und Lattenbach ein Hochverrathsprozes eingeleitet. Da Raifer Leopold frant mar, fo batte ber feindlich gefinnte Lobtowit die Sache ganglich in feiner Band, und er war entfchloffen, bie gunftige Gelegenheit auszunugen. Durch einen befonderen Gerichts. hof wurden die Ungeklagten jum Cobe verurtheilt und brei berfelben Bring, Frangepan und Rabasby, welch letterer von Spantau gefangen genommen und 30. Mpr. ben andern nachgeschidt worden war, in Biener-Reuftadt enthauptet. 3hr Gna-

denaesuch war bem Raiser gar nicht überreicht worden. Sinige Monate später erlitt aud Graf Lattenbach, in beffen Schloß man fechetaufenb verborgene Flinten entbedt hatte, in Gras basfelbe Schidfal. Franz Ratoczh bagegen, ber in Siebenburgen die Baffen ergriffen, bann aber fich gebemuthigt batte, erhielt auf Farbitte feiner Mutter, die bei ben Jefuiten und bem Sofe aut ange-

fchrieben war, aus Rudficht fur feine Jugend Begnadigung, mußte aber bobe Strafgelber entrichten und einige laftige Berfügungen in Betreff feiner Guter über fich ergeben laffen. Emerich Totbly, ber Sohn bes mittlerweile verftorbenen

Stephan, und andere malcontente Abelige fuchten eine Buflucht in Siebenburgen.

Das Spftem ber Rade.

Dan tonnte die Bestrafung ber ehrsüchtigen Landherren und Magnaten, welche die Unabhangigfeit bes Ronigreichs mit ungefehlichen Mitteln berftellen und bas öfterreichische Regiment gegen die Oberlehnsberelichkeit ber Pforte eintaufchen wollten, burch bas Gebot ber Gelbfterhaltung entschuldigen und in

ber Ordnung finden; dagegen mußte bas Spftem der Rache, bas Lobtowig nunmehr bem gangen Lande auferlegte, ben größten Unwillen erregen. Ungarn wurde wie ein erobertes Land behandelt. Ein in Bregburg aufgeftelltes Strafgericht berfuhr gegen ben gefammten Abel mit einer Strenge, als ob bas Rriegs. recht waltete: Die Rerter füllten fich mit Berhafteten, hinrichtungen und Gutereinziehungen nahmen tein Ende. Ber fich gegen Rönig und Obrigfeit auflehnt. fagte Lobtowis, ber gleicht ber Motte, welche in die Flamme ber Rerze fliegt. Bum Unterhalt ber Befatungsmannichaften wurden neue Steuern und Abgaben auferlegt, ohne daß man die Stande um Bewilligung anging; bobe Einfuhrzolle erschwerten ben Absatz ber ungarischen Rohprodutte; eine Berzehrungssteuer laftete wie ein Bleigewicht auf ben unteren Stanben; die Anführer ber Eruppen erhielten fo ausgedehnte Gewalt, "als ob fünftigbin blos eine militarifche Regierung bestehen follte"; die hoben Memter wurden an Auslander vergeben; Die Burde des Balatinus und königlichen Statthalters murbe abgeschafft, die bochste Macht bem Deutschmeifter Johann Rafpar von Ambringer als General-Couverneur übertragen, einem harten ungerechten und roben Reicheritter. Und wie ber weltliche Staat burch eine bespotische Militarregierung gefnechtet und Beben und But ber hoberen Stande durch Sondergerichte und Billfurmagregeln gefährbet ward, fo die Gewiffensfreiheit durch eine ber spanischen Inquifition abnliche Gerichtstorannei. Protestantische Prediger und Gelehrte, die dem Preise bes Abfalls, Bifchofftühlen, Sof- und Staatsamter widerstanden, wurden von ihren Stellen verjagt, mit ihren Kamilien ins Gefängniß geworfen, als Rubertnechte ju Sclavendiensten gezwungen. Auf den Galeeren in Trieft und Reapel verrich. teten hunderte bon weggeführten protestantischen Beiftlichen lutherischer und calvinischer Confession 3wangsarbeiten. Den Bekennern bes Evangeliums entriß man ihre Rirchen, ja felbst ihre Rinder. Ungarn ging einem Schicffal entgegen, wie bor fünfzig Jahren Böhmen. Ein rechtlofer Buftand lagerte fich über bas Reich: Berfaffung und Grundrechte batten in den Augen des öfterreichischen Softanglers und des faiferlichen Commiffare Ropp feinen Berth: bas unbefdrantte Ronigthum, geftust auf Militarbefpotismus und Beamtenwilltur follte fortan in bem Magharenlande zur Geltung tommen. Saufen rober Solbaten burchzogen bas Land, nahmem bes Bauern Rorn und Bieh weg und fügten jum Raub noch Ungebühr und Dishandlung. Die Berwendungen protestantifder Fürften fanden teine Beachtung.

## 4. Araf Cokoly und die Carken vor Wien.

"Endlich mußten aber doch auch die wilben Rathgeber die Entdedung Emporung in Ungarn. machen, daß Gewalt allein nicht Alles ausrichten tonne, und bag Menfchen aufs Meußerste getrieben, schrecklich fraftwolle Menschen werben". Durch Steuerbrud, Erpreffung und Gutereinziehung verarmt, burch bie graufame Berfolgung gur Berzweiflung gebracht, rotteten fich in Oberungarn bewaffnete Boltsbaufen que

fammen, une an ihren Drangern Rache zu nehmen. Die Gegner belegten fie mit dem alten Spottnamen "Auruczen" (IX, 225). Die von den taiferlichen Richtern und Beamten bedrahten Edelleute früchteten maffenweife nach Siebenburgen, wo fie an Franz Ratoczy, Emerich Totoly und Michael Teleth unternehmende Subver famben und burch ben Fürsten bes Landes, Apafy mit ben Türken aule neue in Berbindung traten. In feinem Gartenhaufe empfing ber Großwefin bie Abgefondten und gab ihnen beimlich gunftige Bufagen. Mittlerweik wan der graße frangösische Arieg ausgebrochen. Wir wiffen, wie trenlos der erlaufte Loblawit die Sache des Raifers und Reichs verrieth. Die Strafe erreichte ihn endlich. Bon Leopolds Ungnade betroffen und bon bem Fluche bes 17. Dit. Bolks begleitet, venließ er in einer finfteen Ottobernacht die Donauftadt, um auf feinem Gut Radnit in Böhmen wie ein Berbannter zur leben. Für Ungarn war ieboch biefen Bediel, von wenig Ginfluß; hier hatte das Bebrückungefpftem nach wie von feinen Fortgang; baber nahm auch von ben Beitverbaltniffen begunftigt der Widerstand eine drohendere Gestalt an. Roch ehe ber Weltkampf im Westen wa Ende war, entfaltete Emerich Totoly die Jahne ber Emporung in Siebenburgen und Obernugarn. In Aurzem fand ibm eine beträchtliche Streitmacht von Emigennten, Aufftanbifchen und Solbnern gur Seite. Rubn, umternebmend, ban gemanbter Rebe und gewinnenbem Befen, mar ber junge Graf gum Insurgentenführer geboren. In Conftantinopel, wo mittlerweile Ahmed Röprisi gefturben mar und fein Schmager Rara Mustafa, ein ehrgeiziger Mann, ber im Grifte feiner beiden. Bargauger nach Baffenruhm burftete, das Amt eines Groß. wefird erlangt batte, lieb man jest ben Borftellungen ber Insurgenten ein geneige texes Ohr. Ludwig XIV., ber es gern fab, wenn die taiferlichen Baffen in Often beschäftigt maren, bamit er am Abein besto freier schalten konnte, ließ ben ungarifden Natrioten Unterftützung an Gelb und Truppen versprechen, mobil ber Marquis von Bethune, ber Schwager bes neuen Polentonigs Johann Cobiesth, dermalen frangofischer Gesandter in Barichan als Bermittler biente. And ben Bergftabten Oberungarns wurden bie öfterreichischen Besatzungstruppen vertrieben; im Berein mit bem Marquis von Bobam, ber mit frangofifden Gelb polnische Soldner in Dienft genommen, eroberte Totoly Rremnit und Schemnitt; und richtete bereits feine Blide gen Bregburg. Reue Dufaten aus bem exhauteten: Galbe geprägt, trugen Totolb's Bruftbild mit ber Auffdrift "fin Religion und Freiheit", andere bezeichneten Ludwig XIV. als "Beichuter ber Ungarn".

In Wien gerieth man in Unruhe. Man berief Abgeordnete des königlich beriefenderag gefinnten Herrenstandes zu einer Berathung nach Prehdurg. Als diese vor allen Dingen auf Beseitigung der rechtsberletzenden Neuerungen und Herstellung der verhrieften Bersassung der verchtsberletzenden Neuerungen und herstellung der verhrieften Bersassung der Ranzler Hocher mit so heftigen Worten 1677, und kräusenden Vorwürfen an, daß sie beleidigt nach Haufe zurücklehrten. Nach dem Abschlich des Rhmweger Friedens gestalteten sich die Oinge günstiger sir

Defterreich. Totoly wurde über bie Theiß gurudgebrangt und wendete fich wieber nach Siebenburgen. Run wollte man aber in Bien noch weniger bon Rachgeben boren; die Friedensunterhandlungen, die in Ehrnau mit den Inflirgenten- 1679. bauptern angefnubft wurden, führten baber ju feinem Refultat. Doch wurde ein zweisähriger Baffenftillftand auf Grund bes Bestehenben geschloffen. Drei Sahre früher war Franz Ratoczy zu Muntace aus der Belt gegangen (B. Juli 1676). Seine reiche Bittwe Helene gab dem Grafen Totoly trop ber Einsprache ihrer Schwiegermutter bie Band gu einem gweiten Chebund. Daburch wurde diefer als Stiefvater bes jungen Franz Ratoczy II. gleichsam ber Erbe bes Ginfluffes und ber Anspruche biefes machtigen Saufes, bas noch immer bie Sympathien der Siebenburgischen Bolter befag. Und lag bem ritterfichen Manne jest nicht auch die Blutrache fur ben hingerichteten Bater feiner Gemahlin, ben Grafen Beter Bring als heilige Bflicht ob? In Defterreich verkannte man teineswege die Gefahr, wenn der ehrgeizige Dlagnat, offen unterftust burch Ibrahim-Bafcha von Ofen und von der Pforte jum Lehnsfürsten für Ungarn beftimmt, an der Spipe aller Unzufriedenen die Rriegsfahne von Reuem schwingen wurde, in einem Augenblid, da Ludwig XIV. die Reunionen vollzog und ben gangen Elfaß fanimt Strafburg an fich zu reißen Miene machte. Die tafferliche Regierung beschloß daber, in verfohnlichere Bahnen einzulenken. Auf einem nach Debenburg ausgeschriebenen Reichstag erbot fie fich, die von Lobtowis ange- nov. 1681. ordneten Gwaltmaßregeln zurudzunehmen ober gu milbern.

Demgemäß sollte die Palatinsstelle wieder besetzt, die eigenmächtig und willfürlich eingeführten Steuern abgeschafft, die Aemter an Einheimische verliehen werden. Außerdem wurde das Bersprechen gegeben, daß die Religionsverfolgungen aushören und den Bekennern Augsburger und helvetischer Confession die in den Landesgesehen zugesicherten Freiheiten und Rechte zurückerstattet werden sollten; auch sollten die deutschen zuschen einzerichten wah nach abziehen und die alte nationale Grenz-Miltz wieder eingerichtet werden, auch die Ausgewanderten und Berbannten, sosen seinen neuen hubigungs- und Treueid geleistet haben wurden, Amnestie erhalten.

Allein so lockend diese Zusagen lauteten, Tötöly und seine Freunde hatten Anten alles Bertrauen verloren. Wer gab ihnen Bürgschaft, daß, weim die Bestürchtungen vor Frankreich und der Pforte zerstreut seien, nicht das alte Bestürchtungssystem wiederholt werden würde? Dann hätten sie es nicht mehr wie jest in der Fand, der Gewalt nachbrücklich zu widerstehen! Bor Allent waren die Bekenner der von der katholischen Rirche abweichenden Glaubenstehren und Eultusformen mit den Anerdietungen unzufrieden, da die Religionsfreiseit nicht unbedingt, wie das alte Recht verlangte, gewährleistet war. Tötöly gab daher der Einladung zu der Reichsberfammlung keine Folge. Bielmehr schielte er ein Schreiben ein, worin er "im Namen der für den Ruhm Gottes und die Frelheit des Baterlandes im Exil weilenden Herren, Abeligen und Kämpens und im Beestrauen auf die Hälfe der Osinanen eine sehr breiste Sprache führte. Wie einst

Brint, fein ermordeter Schwiegervater, fo traumte auch er von einer ungarifden Arone. Ließ ihm doch die Pforte, bei welcher ber frangofische Ginfluß borwiegend war, burch ben Ofener Bascha Nahne und Rosschweif überreichen und ibn als Fürft von Ungarn begrüßen. Den Königstitel wies er gurud; aber im feindlichen Beerlager bezeichnete man ihn als "Ruruegentonig". Raum war daber ber Baffenstillstand abgelaufen, fo erschien Totolb aufs Reue an der Spite eines Commer aus allerlei Bolt gemischten Insurgentenheeres in Oberungarn und eroberte, von turtifden Rriegehaufen unterftust, eine Bergftadt nach ber andern. Auch Rafcau, Eperies und bas von dem taiferlichen Feldherrn Stephan Robary tapfer vertheidigte Fuled fielen in feine Gewalt. Er nannte fich "Fürft und Converneur bon Ungarn" und auf feiner Fahne maren bie Borte ju lefen "fur Gott und 1683. Freiheit". Bu Anfang bes nachsten Jahres ließ er fich von den Standen Oberungarns hulbigen und foidte 20,000 Ducaten als Lehnszins an ben Sultan.

Die türfis

Rach folden Borgangen konnte tein 3weifel mehr obwalten, daß im Divan rungen per- die Ariegspolitit gefiegt habe. Dennoch machte das Biener Rabinet noch einmal einen Berfuch, den Baffenftillftand von Basbar zu erhalten. Aber den Gefandten wurden folche Bedingungen geftellt, daß es ehrlos gewesen mare fich barauf einaulaffen. Defterreich follte eine halbe Million Gulden als jahrlichen Eribut entrichten, mehrere auf bem Bege nach Bien gelegene Festungen schleifen und ben Ungarn alle ihre Forderungen bewilligen und Amnestie gewähren. So weit hatte es die öfterreichische Regierung gebracht, daß fich die Osmanen als Beschuger ber religiofen und politischen Freiheit in ben ungarischen Landen auf. werfen und bei den Eingebornen Glauben finden konnten!

Die Türfen

3m Frühjahr 1683 bielt Sultan Mohammed IV. auf den Feldern von 1883. Abrianopel Deerschau. Gin furchtbarer Sturm, der fich dabei erhob, galt als fclimme Borbedeutung. Der Großherr begleitete bie Armee bis Belgrad und gab dann ben Oberbefehl und die weitere Rriegführung an Rara Muftafa ab. In Effed fand fich Totoly ein, um bem Beere, bas nach ber Bereinigung fammtlicher Eruppentheile über zweimalhunderttaufend Mann faßte, als Begweiser nach Wien zu bienen. Denn auf die Sauptstadt felbst war es abgeseben. Ohne Biderftand bewegte fich ber Bug über Dotis, Bapa, Altenburg ber Grenze von Desterreich ju; die Borbut führte ber Tatarenthan unter Sengen und Brennen. Mit ungenügenden Streitfraften suchte Bergog Rarl von Lothringen den Uebergang über die Leitha zu verhindern; er wurde zurudgetrieben. Anfangs Juli schlugen die Türken ihre Belte bor den Mauern von Wien auf; ber Sof hatte fich nach Linz geflüchtet, mit banger Erwartung dem Anzug ber Hulfsmannicaften, welche die deutschen Reichsfürsten und der Ronig Johann Sobiesty von Bolen zugefagt hatten, entgegensehend. Die Donaustadt schwebte in der bochften Gefahr; benn von Mitte Juli an begannen die Angriffe ber Zurten; Die Borftabte wurden bon bem Grafen Ernft Rubiger bon Starbem berg, bem ber Raifer bas Obercommando in Bien übertragen hatte, in Brand gefest, um die Streitfrafte gang auf die Bertheidigung ber Festung verwenden gu konnen. Durch ben Belbenmuth und die Entichloffenheit diefes Befehlshabers, durch die Capferteit und Unverdroffenheit ber Befatung und ber Burgerichaft, Die fich allen Unftrengungen und Gefahren unterzogen, und durch die Ungeschicklichkeit ber Dsmanen im Belagerungefrieg geschah es, daß Bien fechzig Tage lang bem furchtbaren Reinde Biberftand leiftete und alle Sturme gurudichlug, bis die deutschen Sulfstruppen und ein polnisches Seer von 25,000 Mann unter dem tapfern Johann Sobiesty der bedrangten Stadt zu Bulfe tamen und mit den Truppen Rarls von Lothringen vereinigt den Rampf mit den Mohammedanern aufnahmen. Obwohl an Bahl um mehr als die Hälfte schwächer, gingen doch alle ohne Unterichied ber Confessionen muthig in ben Streit. Galt es ja, Religion, Gesittung und alle hoben Lebensquter gegen orientalifche Barbarei zu fchirmen.

Es war am Morgen des awolften September, daß die Führer ihre Truppen Die Entidels jur Entscheidungeschlacht unter ben Mauern Biens aufstellten. Den rechten idiat. Blugel befehligte der hochherzige beldennnuthige Sobiesty, den linten Bergog Rarl 1888. bon Lothringen, und unter ibm die Markgrafen Bermann und Ludwig bon Baben, bie öfterreichischen Generale und viele Glieber fürstlicher Saufer; auch Eugen von Savogen, damals neunzehn Sahre alt, erfocht hier feine erften Lorbeeren. Das Mitteltreffen nahmen bie beutschen Reichsfürsten ein, namentlich bie Aurfürsten von Baiern und Sachsen. Daß Friedrich Wilhelm von Brandenburg bem Rampfe fern blieb, murbe in ben öfterreichischen Soffreisen mit Befriedigung bemertt. Die fechsftundige morderifche Schlacht entichied gegen bie Turten. Behntaufend Mohammedaner bedten bas Baffenfeld, bas Lager bes Großwestes und unermegliche Beute an Gold, Silber und Juwelen, an Gegelten, Geschut und Baffen fielen in die Bande ber Sieger. In fluchtabnlicher Gile zogen die Türken über Raab nach Belgrad zurud, fich burch Bermuftungen und Graufamteit fur die Berlufte rachend; die gerettete Sauptftadt bagegen empfing die flegreichen Reldberrn mit freudigem Triumphgeprange und im Stephans. dom hielt ein Beiftlicher eine Danfrede über die Schriftstelle: "Es war ein Denfc von Gott gefandt, der hieß Johannes." Rara Muftafa suchte umsonst die Schuld des Unfalls auf Andere ju ichieben und ließ beshalb die Baichas von Ofen und Bran hinrichten; er tonnte ben allgemeinen Unwillen über die erlittene Schmach nicht erftiden; bei feiner Anfunft in Belgrab wurde er auf Befehl des Sultans enthauptet.

Mit dem Tobe biefes Bermandten bes Saufes Roprili ging auch das Baffenglud Der Salb. und der energische Aufschwung zu Ende, welchen diefe Familie bem Osmanenreich ber- Riebergang. lieben. In Ungarn brangen bie Defterreicher vor, in Dalmatien, Morea, Griechenland führten die Benetianer, mit dem Raiser zu einem "heiligen" Krieg und Baffenbund vereinigt, die uns aus fruheren Blattern befannten erfolgreichen Rampfe ju Land und jur See aus. In den hoffreisen freilich mar nach der Rudfehr des Raifers in die Sauptfadt teine Erhebung der Seele mabraunehmen : Leopold behandelte den ebangelifchen Aurfürsten von Sachsen mit folder Ralte, daß diefer sofort in sein Land gurudtehrte,

und selbst Sobiesty wurde als "Bahlkönig" mit steiser Stitette und bynastischem Hoch muth in der Ferne gehalten. Dagegen war eine moralische Kraft, ein edles Selbstvertrauen über die christlichen Kriegsvöller gekommen, das noch manche Bassenersolge herbeisührte. Der Polentönig ließ sich durch den kaiserlichen Undank nicht von der Berstein solgung der Erbseinde des christlichen Abendlandes abhalten. Sine Keine Mederlage, Die Selchlagenen suchten sich auf der Auftendlandes abhalten. Sine Keine Mederlage, Die Selchlagenen suchten sich auf der Schiffbrude nach Gran zu retten, aber diese brach unter der Last zusammen, so daß Tausende in den Bellen oder durch das Schwert der Berfolger den Tod sanden. Darauf vereinigte sich Sobiesty mit Karl von Lothringen 25. Ost. zur Belagerung von Gran. Die Eroberung dieser Donaustadt, die so lange in der Sewalt der Türken gewesen, bahnte den Beg nach Osen, der Hauptstadt und dem Bollwert der Osmanenherrschaft in Ungarn. Im nächsten Jahr, als der Polentönig nach Barschau zurückzeichtt war, übernahm Herzog Karl mit österreichischen und deutschen Keichstruppen die Belagerung von Osen, nachdem er Baisen und andere Donaupläse in seine Sewalt gebracht. Allein die sessen und vertheidigte Stadt widerstand allen Angrissen; nach einem Belagerungstrieg von 109 Tagen mußten die Raiserlichen mit großen Bersusten abziehen.

## 5. gabsburgs Slege und gewaltherrschaft in Ungarn.

In Bien war man entschloffen, die Lage ber Dinge auszunugen; alle Friedensporichlage ber Pforte murben gurudgewiesen. Als im nachften Jahr wieder neue Lorbeeren erfochten wurden, iudem der Bergog von Lothringen die 19. Ang feste Stadt Reuhausel erfturmte, Feldmarschall Caprara die Bergftabte Oberungarus bezwang und Totoly nach der Grenze bon Siebenburgen gurudbrangte, 1686 murbe ber Angriff von Dien aufs Reue beschloffen. Den gangen Sommer über bebrangte bas taiferliche Beer, bei bem fich auch 8000 Branbenburger unter Saus Abam bou Schöning eingefunden, die Feftung, welche bon Abdurrahman-Pafcha mit munderbarer Tapferteit und Beharrlichfeit vertheibigt mard. Erft als bie jum Entfag heranrudende turtifche Armee bon Bergog Rarl gurudgefcblagen, Die Mauern theilweise burchbrochen, Die Befatungsmannichaft bis auf 2. Cept. Moeitaufend permindert worden, wurde Ofen im Sturm erobert. Abdurrahmans Leiche fand man mit Bunben bebedt unter einem bichten Saufen erichlagener Moflemen. Go tam benn die Sauptfigdt Ungarus, nachdem fie einhundertfünf. undpierzig Sahre lang im Befit der Turfen gewesen, wieder in Die Gewalt der Sababurger. Es mar eine alte Tradition bes Islam, bag bie Blaubigen ba, wo fie einmal ihre Bebete verrichtet und ihre Moschen erbaut, vor teiner Macht mehr gurudweichen murben; und nun wurde ber Salbmond von den Binnen gefturat und bas fiegreiche Rreug aufgepflangt. Mußte nicht biefer Bechfel als verhangnisvolle Borbebeutung wie ein icharfes Schwert bas Berg bes glaubigen Muselman burchschneiben? Mittlerweile war auch bas fefte Muntacz, bas Lotoly's Sattin viele Monate lang mit ber größten Capferteit vertheidigte, jur Uebergabe gezwungen und damit gang Oberungarn, ber Sauptfig ber Emporung guruderobert morden. Die belbenmuthige Frau wurde mit ihren Rindern als

Gefangene nach Bien geführt. Ihren Erkgebornen Frank II. Ratberg übergab die öfterreichische Regierung ben Sesuiten jur Erziehung. In Franfreich blidte man mit Reid auf die Erfolge ber öfterreichtschen Baffen, theils weil badurch das Habsburgische haus im Unsehen kieg, theils aus politischen Sympathien für die Türlei.

Soon Richelien hatte mit ber Turtei die alten freund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Frankreichs wieber angutfinpfen gefucht, und Colbert mar auch in Diefer Begiebung ber Politit Des ber mobams Cardinals gefolgt. In Konftantinopel wurde ein frangöfifches Confulat errichtet, das Melt. Umt eines Dragoman eingeführt, eine Lebante-Compagnie follte den handel mit den türtischen Staaten beleben. Leibnis verfaßte im Jahre 1672 eine Dentschrift, worin er auseinandersette, daß eine Expedition nach Aegypten zur Beförderung eines birecten Bertehrs zwischen Europa und Indien zwedmäßiger und bortheilhafter für Frankreich ware als ein Rrieg wiber Solland. Rach Riederwerfung ber Türfen wurde bem Konig die Berrichaft auf bem Mittelmeer, Die Führerichaft der Chriftenheit, bas Schieberichteramt der Belt und die erbliche Lirchenbogtei gufallen. In Berfailles fab man jedoch in bem "agpptifden Brojett" nur den unprattifden Gedanten eines beutiden Philosophen. Die Idee einer driftlichen Coalition gegen die mohammedanische Oftwelt ftimmte nicht mehr zu ben damaligen politischen Anschauungen. Leibnis erhielt in Baris bie fuble Antwort, feit Ludwig bem Beiligen feien bie Rreugfahrten aus der Mobe getommen. Den Frangofen lag der Abein und die Maas naber als der Rit. Beit entfernt, bem Borbringen ber Demanen in Ungarn entgegenzutreten, mit flammendem Schwert bie hriftliche Menschheit gegen die Ungläubigen vertheidigen ju belfen, freute man fich am frangofficen Dof, bas die ofterreichifden Baffen anderwarts befcaftigt waren, und spornte ben Großturten jum Angriff gegen die habsburgifchen Rivalen. Go weit ging man jedoch nicht, daß man einen Rriegsbund folos; wie hatte der driftliche Monarch, ber fo gerne als ber Schirmberr der rechtglaubigen Rirche gu gelten manfchte, bem Papfte und ber gefammten tatholifden Belt gegenüber an ber Geite mohammedanifder heerschaaren ins Beld gieben tonnen? Bielmehr wiffen wir ja, daß der Ronig noch vor wenigen Jahren den Benetianern in ihrem Riefenkampf um Candia Borfdub leiftete und bağ er felbft mabrend bes öfterreichifcheturtifden Rriegs burch feinen Abmiral Du Queene bie Corfaren, bes Sultans Schütlinge und Bafallen bor Chios und Algier betriegen lies. Dagegen unterliegt es wohl keinem Sweifel, daß frangofisches Gold und frangofifche Diplomaten in Stambul die kriegerischen Unternehmungen der Pforte gegen Defterreich forderten und belebten, um badurch am Rhein freie Sand ju gewinnen, daß man in Berfailles mit Reid und Difinuth auf ben glorreichen Gang ber driftlichen Baffen in Defterreich und Ungarn blidte, daß man bie Lorbeeren und Berdienfte der öfterreichifden Beere und ihrer Berbundeten zu Derringern und in Schatten zu ftellen fuchte. Die Unterbrudung der Regerei und die Herstellung der firchlichen Ginheit follte eine weit größere Ruhmesthat für die Chriftenbeit fein. Aber es ift uns betannt, daß nicht einmal der Papft diese Auffaffung frangofficher Citelleit und Prablerei theilte!

Und als ob die öfterreichische Regierung bem frangoffichen Monarchen nicht Derpolitifche ben Ruhm ber Repervertilgung gonnte, befchloß auch fie bie Erfolge im Belb gu Staatsfreich in Ungarn. einem Smatsftreiche gegen die ungarische Betfaffung und gegen die evangelifch. resormirten Confessionsverwandten zu benuten. Rachbem ein in Eperies aufgeftellies Blutgericht, in welchem ber harte papiftisch gefinnte Reapolitaner, General vor. 1687. Caraffa den Borfit führte, die Baupter der Insurgenten und bes protestantischen

Abels gefällt und burch Folterqualen, Sinrichtungen und Gutereinziehungen ein Schredensspftem begrundet batte, bas an Alba's "Rath ber Unruben" in Bruffel und an die spanischen Inquifitionsgerichte erinnerte; beschied Raifer Leopold die ungarischen Stande zu einem Reichstag nach Pregburg und brachte die Berfammlung unter bem Gindrud des herrichenden Terrorismus dabin, daß fie in die Aufhebung des Bahlkönigthums willigte und das wichtige Grundrecht des Abels, fich verfaffungswidrigen Berordnungen ber Regierung mit gewaffneter Band widerfegen ju durfen, aufgab. Seitdem borte Ungarn auf ein Bablreich au fein, die Rrone bes Beil. Stephan follte in bem Babsburger Mannftamm nach Erftgeburtsrecht forterben, aus der "golbenen Bulle" (VIII., 514), welche jeder neue Ronig bei feiner Rronung zu beschwören hatte, die verfangliche Refi-Die Religions. und Gewiffensfreiheit mar in ber Berstenzelausel wegfallen. faffungeurtunde nicht ausgeloscht; aber die Jesuiten und ihre Gonner bei ber Regierung fanden Mittel, burch Lift und Intriguen bas gefchriebene Recht gu umgeben; die Rlagen der Bedrangten über priefterliche Tude, Berführungefinfte und Rechtsverdrehungen fanden tein Bebor. Die ebangelische Rirche Ungarns murbe burch ein unblutiges Marthrerthum um mehr als die Salfte vermindert. Man vermied ben Beg der Gewaltthätigfeit, den zwei Jahre früher Ludwig XIV. betreten hatte; aber ber beuchlerische, im Finstern schleichende Fanatismus hatte wenig bor ber offenen Religionsverfolgung boraus.

3meite

Die Siege, welche in ben achtziger Jahren die öfterreichischen Kahnen fort-Mohaes mahrend begleiteten, waren der Begrundung der Habsburger Herrschaft in Ungarn gunftig. Bergebans versuchte ber Großwesir Guleiman von Effet aus Die verlorne Hauptstadt, wo der Halbmond fo lange geglanzt hatte, zurudzuerobern: 12. Aug. auf derfelben sumpfigen Chene von Mohacz, wo vor hunderteinundsechzig Sahren

ber lette Magharentonig feinen Tod gefunden und die Turtenherrichaft in Ungarn ihre Burzeln gefchlagen hatte, gewannen jest Berzog Rarl und Markgraf Ludwig von Baden an der Spige eines öfterreichisch-deutschen Beeres, dem fich auch eingeborene Rriegshaufen unter bem neuen Balatin Efterhazy angeschloffen, einen glanzenden Sieg, dem die Eroberung von Effet und die Unterwerfung von Slavonien und Kroatien auf bem Fuße machfolgte. Pring Eugen von Savopen, ber als Generallieutenant unter Ludwig von Baben biente, überbrachte bem Raifer Die Giegesbotschaft.

Giebenbur.

Run richteten die Defterreicher ihre Baffen gegen Siebenburgen; benn fo gen unter Defterreiche lange bort ein turtischer Clientelfürst ben Geboten bes Sultans folgte und bie feindlichen Beere ins Land ließ, war Ungarn nicht bor neuen Ginfallen ficher. Da fam es ben taiferlichen Beerführern zu ftatten, bag unter ben Bauptern bes Abels Zwietracht herrschte. Totoly mar nach ben Riederlagen ber Osmanen in Ungarn bei dem Sultan verdächtigt und in Retten und Banden nach Abrianopel geschleppt worden. Er follte die Unfalle mit verschuldet haben. Der Großhert war jedoch bald zu ber Ueberzeugung gekommen, daß er ein getreuer Diener fei

und hatte ihn nach Ungarn gurudgeschickt. Rach ber Eroberung ber Bergftabte und ber Begführung feiner Gemablin war er mit feinen Getreuen nach Siebenburgen gezogen, um bort im Berein mit Apafy ben Turten einen fichern Rudhalt jur weiteren Ariegeführung ju bereiten. Er machte wohl auch Berfuche, fich mit bem Biener Cabinet zu verständigen, aber die Forberung einer unbebingten Unterwerfung auf Gnade und Ungnade ichien ibm boch zu bedenklich. Co lange nun Apafy zu ben Turten bielt, blieb Totoly's Ginfluß unerschuttert. Ale aber an ben Siebenburgischen Furften bie Berfuchung berantrat, fich mit bem Raifer zu verftandigen und die turfifche Oberlehnsberrlichteit gegen die öfterreichische zu vertauschen, anderte fich balb die Stimmung. In früheren Jahren waren die Grafen Totoly und Dichael Teleti febr befreundet, fo bag ber junge Emmerich fich mit des letteren Tochter verlobte. Aber als fich ber Graf um Belene bewarb und ber erften Braut den Ring gurudichidte, entstand beftige Beinbichaft zwischen beiben Familien. Teleft genoß bei bem ichwachen unselbftandigen Fürften Apafy bobes Bertrauen. Benn er biefe Stellung benutte, um benselben ber Pforte zu entfremben, fo untergrub er jugleich ben Ginfluß feines Gegners und nahm Rache an bem Beleidiger feiner Ehre. Es fiel baber bem flugen General Caraffa nicht fower, ben fiebenburgifden Ebelmann zu bereben und zu bestechen, bag er seinem Berrn ben Rath ertheilte, bem Bunde mit ben Turfen zu entfagen und ben Beberricher von Defterreich als Dberberen von Siebenbürgen anzuerkennen.

Dies geschah durch eine auf bem Standetag in hermannftabt mit bem taiferlichen Der Bertrag Commiffar Caraffa vereinbarte Uebereintunft, in welcher Fürft und Landtag der tur- mannfabt, fifchen Oberhoheit feierlich entfagte, fich unter ben vaterlichen Schut bes Ronias von 9. Mai 1888. Ilngarn ftellte und fich bereit ertlarte, taiferliche Befagungen in die Stabte Robar, buft, Gorgent und Kronftadt aufzunehmen und zu verpflegen. Leopold beftatigte ben Bertrag, nahm die Anertennung feiner Schupherrlichteit in Gnaden auf und ficherte 17. Juni. dem Lande Siebenburgen die Aufrechthaltung der Gewiffens- und Rirchenfreiheit und alle andern Grundrechte der Berfaffung ju. So übte auch in dem Fürftenthum jenfeits ber Berge bas Glud ber öfterreichischen Baffen eine machtige Anziehungefraft. Gin Berfuch Aronftadis, fich der deutschen Besatzung zu erwehren, hatte die blutige Beftrafung ber Aufftifter jur Folge.

6. Das Osmanenreich im Sinken und der Friede von Carlowik.

Run war für Emmerich Totoly auch in Siebenburgen tein Raum mehr. Revolutio-Er hatte fich bereits zu ben Eurken begeben, um bon ihnen Bulfe fur einen neuen gungen in Romfanti-Beldzug zu erlangen, aber bas Land in einem revolutionaren Buftande gefunden. nopel. Die Unfälle in Ungarn und Griechenland hatten in der Armee Unzufriedenheit gegen ben Großwestr und gegen ben arbeitscheuen, bem Jagbleben leibenschaftlich ergebenen Sultan Mohammed IV. erzeugt und alle Disciplin gelodert. Die 3anitscharen und Sipahi verlangten bie Beftrafung Suleimans; ber Großberr schidte ihnen zur Beruhigung das Haupt des Besirs; aber die Tobenden, burch

458

bie Rachgiebigkeit bes Sultans ermuthigt, gingen nun in ihren Forberungen meiter : ein anderer Berricher follte auf den Eron erhoben werden. Der Aufruhr perbreitete fich über Samptftadt und Reich. Da traten die Illema zu einer Be-

rathung zusammen und beschloffen, ber außeren Revolution burch eine Palaftrevolution entgegenautreten. Der altere Bruder Guleiman wurde aus dem Rer-8. Nos. 1687. fer, wo er viele Sahre lang geschmachtet hatte, auf den Berricherstuhl erhoben und Mohammed IV. an feiner Statt in das Haftgemach eingeschloffen, wo er

noch fünf Jahre lang unbeachtet von der Belt ein trubseliges Dafein friftete. Sulei: Aber Die emporten Janitscharen und Sipahi festen auch unter Suleiman noch 1687-91 piele Bochen lang ihr wildes Treiben font. Sie plünderten die Palafte der Pfortenminifter, fie morbeten den Großwefir Siamulch und mehrere berhafte

Beamten, fie verbreiteten Schreden und Flucht in den Regierungefreisen, bis enblich der Umwille ber Bebolferung der ohnmachtigen Obrigfeit zu Gulfe fam Bebr. 1888, und ihr bie Beftrafung ber Rabelsführer und die Unterbrudung ber Rebellion

ermoalichte. Diefe Borgange waren bem Baffenglud ber Defterreicher in Ungarn fehr Defterreiche Baffenglud. forberlich. Bie follte ber neue Gultan, der un eigenen Reiche mit Dube das auchelose menterische Militar zur Rube brachte, bem flegreichen Borgeben ber beutichen von ausgewichneten Relbberen geführten und durch ben erworbenen Rricedrubm gehobenen Truppen Ginhalt gebieten tonnen? Go drangen denn bie öfterreichisch-deutschen Beere unter Ludwig von Baben und Gugen von Sapopen immer weiter in sudoftlicher Richtung vor und eroberten im September

Set 1000 die Stadt Belgrad, bas feste Bollwert ber Osmanen an ber Donau. Gerne batte bie bedrängte Pforte auch unter ungunftigen Bedingungen Frieden geichloffen; aber bie in Wien geftellten Forberungen waren ber Urt, daß man im Divan unmöglich barauf eingeben tonnte. Schon bamale tauchte ber Gebanten auf, pb es nicht möglich fei, bie Türkenherrschaft in Europa ganglich abzuwerfen. Much das folgende Jahr brachte ben Desterreichern glanzende Erfolge. Ludwig von Baben fette von Belgrad aus über die Donau und drang in Serbien vor.

Aug, 1889, Rachdem er ben Zürfen awei Rieberlagen beigebracht, zuerft bei Batafc bam unter ben Mauern bon Riffa, eroberte er nicht nur biefe Stadt, fonbern im Ottober auch noch die Festung Bidbin.

burger Berricherhauses fich wieder gen Beften wandten ; erlangte in Ronftantinopel ein brittes Glied ber Familie Röprili, Muftafa, ber Bruder Ahmeds, bie

Nov. 1889. Burbe eines Großwefirs und führte wie einst fein Bater in abnlicher Lage Maunegucht und friegerischen Beift in die Armee, Energie und Selbstgefühl in den Divan gurud. "Das Beispiel dieses Großwesirs ift hochft lebrreich, wie viel ein einziger großer Mann felbit in Beiten bes bochften Berfalls und ber allge-

meinten Mutikofigkeit noch auszurichten vermöge." Mustefa Köprili brachte das Steuer- und Finangwefen in beffere Ordnung, indem er die Gintunfte ber Mofcheen au ben Staatsausgaben berbeigog surb bie nichtmobammebanifchen Reichsunterthanen vor Bedrudungen schüpte, und fachte in ben Bergen ber Sanitscharen Muth, Chraefiihl und Aeligionseifer an, so daß, während mehrere Jahre lang das Beer nur durch 3mang und Gewalt hatte vollgablig erhalten werden tonnen, nummehr Taufenbe fich freiwillig jum Dieufte melbeten.

Die Wirtungen bes neuen Geiftes, ber burch bon britten Roprili in bas Robrill. Demanische Staatswesen eingeführt warb, gab fich bath im Krieg wie in ber Politit tunb. Als im nachften Fruhjahr Apafy in Siebenburgen fterb, und das 15. Apr. Biener Rabinet burch Caroffa fich alle Mube geb, bie Stanbe zu vermägen, daß statt des schwachen unmimbigen Sohnes des Berftorbenen Raifer Leopold selbst zum unmittelbaren Herrn gewählt, der "absolute ednuisch-kaiserliche Dombiat" in Siebenburgen eingeführt wurde, ernannte ber Grouwefer bas Saunt ber national-ungarifchen Bartei, Zotolo gum Fünften von Siebenburgen und imterftuste ibn mit Bulfstruppen, als ber Graf feine Rriegszuge in bem Gebingelanbe wieder aufnahm. Bugleich brach ber Grofwefir felbft an ber Spipe einer Armee von 80,000 Mann nach Gerbien auf, um mahrend ber Beit, bag Andwig von Baden mit feiner Hauptmacht gegen Toldty nach Kronftabt zog, die verlornen Festungen zurudzuerobern. Rachdem Wibbin und Riffa wieder in die Gewalt Ang. Sept. ber Türten gefallen, rudte Muftafa vor Belgrad, bas von einer ichmachen taiferlichen Befatzung vertheibigt marb. Babrent ber Belagerung flogen brei große Pulvermagazine, durch Berrath ober Bufall entzändet in die Luft, eine Explosion, durch welche gange Regimenter unter Trümmern begraben, der Festungsbau selber in einen Steinhaufen verwandelt wurde. Der kleine Reft ber Besahnng, ber bem Berbegben entegun, vettete fich in aufgelöfter Flucht nach Effect, während bie Osmanen abermals von der vielumftrittenen Donaustadt Befis nahmen.

In Bien gerieth man von Reuem in Schreden; benn im nachften Fruh, Salacht bei jahr feste Muftafa, nachdem er frifde Berftartungen an fich gezogen, nach Semlin und Siebenüber und bedrohte Ungarn mit einer neuen Invafion. Der Tob Guleimans III. terwerfung. brachte teine Berandernugen in der Lage ber öffentlichen Binge hervor; fein 1801, Bruder und Rachfolger Ahmed II. bestätigte den Großmefte in foiner Barbe. Abmed II. Im August rudte Köprili von Semlin gegen Peterwardein vor : ba eilte Ludwig von Baben aus Siebenburgen herhei, um bem Feinde ben Beg ju berlegen. Sein Deer war nicht halb fo ftart als bas Domanifche; und bennoch erfocht ber talferliche Feldherr auf der Bahlstatt von Gaalankemen feinen glanzendften Sieg, 18. Aus. Unter ben 24,000 gefallenen Türken war der Großweffr Mustafa Ropeili selbst. ber, als er die Seinen gur Erfturmung ber Boben porführte, im bichteften Rampfgewühl bon einer feindlichen Rugel getroffen warb. Unter bem Ginbruck biefer machtigen Baffenthat und ber barquf falgenben Ginnahme von Großwarbein durch ben fingreichen Reibheren fchieffen bie Stande non Siebenburgen auf Grund

4. Derbr. bes "Leopolbinischen Diploms" den Staatsgrundvertrag, traft beffen nur Fürsten aus dem Sabsburger Saus in bem Berglande regieren, aber die alten Rechte und Freiheiten anerkennen und achten follten. Caraffa nannte bie Erwerbung bes Surftenthums, bas bie Natur jur Citabelle gemacht habe, ohne welche ber Befit bes Ronigreichs Ungarn nie ficher fei, "ein Meifterftud ber fubtilften Staatsfunft."

Bechiel

١

Mit diefer Uebereinkunft, welche bem Saufe Defterreich die Oberherrlich. Kriegsgang, feit und einen jährlichen Tribut von 50,000 Ducaten gemährte, waren auch Totoly's herrichertraume gerronnen. Der Lot bes Befir, ber ibn fiets begunftigt, an beffen Seite er bei Szalankemen gefochten hatte, raubte ihm bie ftartfte Stute. 3mar ericbien ber unternehmende ritterliche Mann noch mehrmals mit bewaffneten Beerhaufen in Siebenburgen und Ungarn und fuchte die Oberberrichaft der Turten wieder aufzurichten, aber er verlor mehr und mehr an Ansehen und Ginfluß auf die Gemuther feiner Landsleute; die Sompathien für Desterreich waren im Bachsen. Doch hielt ber Graf auch in ben nächsten Rriegsjahren treu gur Pforte, die unter ben wechselnden Beitereigniffen fich pon bem bei Szalankemen erlittenen Schlag allmählich wieder erholte. Dant bem neuen Beltfrieg wider Frankreich, der die erfahrensten und geschickteften Relbberren Ludwig von Baden und Eugen von Savopen an den Rhein und nach Oberitalien abrief, behaupteten fich die Turfen in Belgrad. Beder ber Relb. marfchall Caprara, ber feine Rettung in Beterwarbein nur ber ungunftigen Bitterung verdankte, welche die Turken jum Rudjug nothigte, noch ber neue Rurfürst von Sachsen, ber ftarte Friedrich August II., vermochten ben früheren Bebr. 1896. Siegeslauf fortzuführen; und als nach dem Tode bes schwachen Ahmed II. ber Muftafa II. Sohn Mohammeds IV. Mustafa den Herrscherfit in Ronstantinopel einnahm und in einem Manifest (Battischerif) erklärte, daß er nach dem Beispiele seines großen Ahnherrn Suleiman I. felbst an der Spipe der Beerschaaren gum beiligen Rampfe gegen die Feinde des Propheten ausziehen werde, da tonnte es scheinen, als ob ber Osmanische Militarstaat einer neuen Aera entgegengehen follte. Und wirflich errangen auch im Unfang die turtischen Baffen wieder einige Bortbeile. Babtend in dem See- und Ruftenfrieg wider die Benetianer Die Osmanifche Flotte mehrere gludliche Unternehmungen machte, feste der Sultan felbst über

Die Donau, eroberte eine Angahl fefter Orte und vernichtete in einem morderischen 22. Sept. Treffen bei Lugos die getrennte Heerabtheilung des italienischen General Beterani. Sechstausend Gefallene lagen auf bem Baffenfelbe, barunter auch ber tapfen Anführer felbst. Triumphirend tehrte Mustafa bei Anbruch des Binters nach feiner Sauptftadt gurud, wo er als Biederherfteller ber Monarchie und bes alten Baffenruhmes gefeiert warb. Im nächsten Sommer erschien er bon Neuem an der Donau, als die Raiserlichen unter Caprara und dem Rurfürsten bon Sachsen gerade vor Temeswar ftanben. Auf die Runde von dem Anruden ber Turten zogen fie benfelben entgegen. Da tam es an ber Bega unweit

Aug. 1696. Dlafch zu einem Treffen, bas beiben Theilen große Opfer toftete, ohne bag es gu

of Gr. Brit. (1688-1714). Lond. 1787. 4. - Belsham, h. of Gr. Brit. (1688-1802). Lond. 1805. 12 voll. 8. - Die fcon erwähnte frang. Biographie Bilbeins III. - Coxe. private and original corresp. of Ch. Talbot dake of Shrewsbury with king William. Lond. 1821. 4. und son Demfelben: memoirs of the duke of Marlborough. New edit. by Wade. Lond. 47 f. 2 voll. u. a. B. Bon besonberer Bichtigkeit find die Briefe und Berichte bes frang. Gefandten Barrillon in ben erwähnten Sammlungen bon Dalrymple, Rignet u. a. Manche neue Eftenftude aus Biener Erchiven enthalt das neuefte Bert über biefe Beriode von Onno Rlapp, "ber Sall bes Saufes Stwart und Die Sneceffion des Saufes Dannover." Bien 1875, 76. 4 voll.

## 1. Die erste Regierungszeit Karls II. bis zu Clarendons Sturz.

Reactio:

Das Parlament, bas Ronig Rarl II. im Mai 1661 in feierlicher Beife, narer Gifer. 8. Rai 1661, die Rrone auf dem Baupte, eröffnete, hielt es für seine wichtigfte und beiligfte Bflicht, die Buftande gurudguführen, wie fie in ber alten toniglichen Beit bestanden, Alles zu entfernen, was mabrend ber burgerlichen Rriege und unter Cromwell's Militardictatur in Staat und Rirche nen begrundet worden mar. Der Suprematseib und ber Gib ber Treue murben hergestellt, die Urfunden, woburch ber Gerichtshof über ben Ronig eingesett, die Bischofe aus bem Oberhause ausgefcloffen, die neue Rirchenordnung errichtet worden, durch die Sand des Benfere öffentlich verbrannt, die Grundfage, daß die militarische Gewalt nicht ausichlieflich ber Krone zustehe, ober daß es in irgend einem denkbaren Falle erlaubt sei, bem Staatsoberhaupte mit Gewalt zu wiberfteben, als hochveratherisch Richt einmal in die Bemeindeverwaltung follte Jemand eintreten verbammt. durfen, ber nicht biefe Grundlehre beschwöre oder die Conformitatsatte nicht anertenne. Die Cavaliere widerftrebten felbst ber Durchführung ber bon dem Konig feierlich verbeihenen Umneftie.

Bir wiffen, welches Schicfal bie "Königsmorber" erlitten; erft im Sabre 1662 wurde die Rache gegen die politischen Berbrecher mit der Sinrichtung bes ftandhafteften und furchtlofeften unter den Republicanern und Puritanern, Benry Bane gefchloffen. Auf derselben Stelle, wo einst Strafford bas erfte Opfer der revolutionaren Bewegung geblutet, legte auch er fein Saupt auf den Blod. Er wollte die Gnade bes Ronigs nicht anrufen und ging festen Schrittes und getreu seinen Grundfagen in den Tod, der ihm eine Rothwendigfeit der Ratur mar, "durch welche die Seele aus Befangnif und Amdifchaft befreit ju vollem Dafein gelange". Seine Rebe, worin er fein politifches und religisfes Glaubensbetenntnis auf bem Schaffot tund geben wollte, wurde burch Erompetenfchall unvernehmbar gemacht. Auch der Berfuch, eine firchliche Berffandigung zwischen Episcopalen und Presbyterianern berbeizuführen, ift wie uns befannt, an der hochfirchlichen Orthodoxie gefcheitert. Die Uniformitat des anglitanifch-bifcofliden Spftems wurde in der ftritteften Form feftgehalten und die gefammte Beiftlichfeit und Lehrerschaft eiblich barauf verpflichtet. Presbyterianer und alle Betenner abweichenber Behrmeinungen wurden von fammtlichen firchlichen und burgerlichen Aeintern ausgefoloffen und in's Clend geftofen. Und als die der Conformitat widerftrebenden Prediger bei ihren bisherigen Pfarrfindern Mitleid, Gulfe und Anhanglichkeit fanden und heimliche Bet- und Andachtöftunden anordneten, wurden durch die Conventitel. Acte alle religiösen Zusammenkunfte von mehr als fünf Personen, wobei nicht das allgemeine Gebetbuch zu Grunde gelegt sei, für ungeseslich und aufrührerisch erklart und die Theilnehmer mit foweren Strafen bedroht. Bald waren die Gefängniffe mit Diffenters angefüllt.

Ronig

So war denn Karl II. Oberhaupt des Staats und der Kirche mit der Rarl II. und bie Beite gangen Machtfulle, welche Elisabeth bem politisch-firchlichen Konigthum verlieben, ja sogar in dem erweiterten Umfange, ju dem die beiden ersten Stuarts die gebeiligte Berrichergewalt zu erheben getrachtet. Die Ration selbst, die beiden Baufer bes Barlaments,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legten diefe Machtfulle in feine Band, machten feine Berfon jum Trager und Inbegriff ber Staatsidee. Die bochgebenden Bogen bes Ropalismus riffen alle Schranken nieder; Die absolute Berrichergewalt, welche ber Bater angestrebt, wurde bem Sohne freiwillig in ben Schoof gelegt. Die Lehre von Hobbes, daß der Bille des Fürsten die Richt. fonur für Recht und Unrecht fei, bag jeder Unterthan seine religiosen und politischen Ansichten nach ben Borschriften bes Ronigs bilben muffe, murbe bas Evangelium der vornehmen Belt. Benn Rarl II. von diefer unbeschränkten Gewalt im Anfange feiner Regierung noch einen mäßigen Gebrauch machte, wenn er nicht ganz auf die Rachsucht und die Reactionsgeluste der Cavaliere einging, vielmehr zwischen ben Parteirichtungen eine mittlere und vermittelnte Stellung zu gewinnen suchte, fo lag bas Motiv in feiner von allen leidenschafte lichen und heftigen Gemutheregungen abgewandten Ratur. Bir haben in ben früheren Blattern ben Stuart, ben bie Nation als Retter in berzweiflungsvollen Buftanden auf den Thron feiner Bater gurudrufen, in verschiedenen Lagen tennen gelernt. Mehr leichtsinnig, genußsuchtig und frivol als rachgierig und bosartig war er in erster Linie bedacht, fich alle Lebensfreuden in reichlichster Fulle au bereiten. Ohne hohere Bwede und Bestrebungen bermieb er gerne alles, mas ihn aus bem Gleichmaße bringen, ibn in bem rubigen Benuffe bes Dafeins ftoren tonnte; ohne Glauben an Tugend, an Menschenwurde, an Abel ber Gefinnung fab er fich am liebsten von Menschen umgeben, die ibm fcmeichelten, die feinen Luften bienten, beren Gefellichaft ju feiner Erheiterung beitrug. Gin Spicuract im altgriechischen Beifte folug er fich die widerwartigen Dinge gern aus bem Sinn, marf er ben Ernft bes Lebens weit bon fich; Mube und Schmerzen waren ibm unerträglich, Sorgen und Arbeiten laftig, leibenschaftliche Erregung unbequem. Er theilte nicht ben Chrgeis und die Berrichbegierbe feines frangofischen Beitgenoffen; unbefummert um Lob und Tadel der Mitwelt, lebte er nur im erschöpfenden Benuß bes Tages, bei ben religiofen Streitfragen ber Beit mar fein Bewiffen wenig betheiligt; ber Fanatismus war ihm unheimlich; feine Borliebe für Papismus wie seine Abneigung gegen das Presbyterianerthum wurzelten in außerlichen Eindruden. Bie er felbst zwischen Unglauben und Ratholicismus bin und ber schwantte und jedem Confessionalismus mißtraute, fo glaubte er auch bei Andern nicht an aufrichtige religiofe Ueberzeugung. Benn gleich nicht ohne Berftand, Beltkenntniß und Klugheit verfolgte er doch weder in ber Regierung bes eigenen Landes noch in der auswärtigen Politik ein festes, March

Spftem; wie er in feinem Privatleben bom Benuß ber Stunde, bon ben Reigen ber Sinne, von den Ginfluffen der Frauen und der Bofflinge fich bestimmen ließ, io bewegte er fich mabrend der sturmvollen Greigniffe, welche die Belt burchfoutterten, gleich einer unfteten Betterfahne ohne Grundfate und Billenefraft nach ber durch den Bmang der Berhaltniffe oder außere Impulfe ihm gegebenen Richtung. Aur Ginem politischen 3wed jagte er mit folgerichtigem Beifte nach : die tonigliche Autorität über die parlamentarischen Gewalten zu erheben und die Brarogative der Rrone unabhängig bon ben wechselnden Ginfluffen ber Parteien zu machen. -Den Frohfinn und die beitere lebensluftige Stimmung, die er in feiner eigenen Seele zu schaffen oder zu erhalten bestrebt mar, suchte er auch in Andern hervorjurufen. Riemand verstand es beffer als er bie Menschen, die in feine Rabe famen, die feine Umgebung, feine Gefellschaft bilbeten, an fich zu feffeln und durch die ihm eigenen Gaben perfonlicher Liebensmurdigkeit, Gefälligkeit und fürstlicher Freigebigfeit zu bezaubern. Ein ritterlicher Mann, ber in schweren Beiten Muth bewiesen, bon ber Romantit einer gefahrbollen Bergangenheit angehaucht und emporgetragen, im geselligen Bertebr mit iconen Damen und Cavalieren durch feine Manieren, durch Big und Laune, durch anmuthiges, bofiches, gebildetes Wefen hervorragend, wie follte nicht ein folder Fürft von iemer Umgebung geliebt, verehrt und verherrlicht werben in einer Beit, ba berartige Eigenschaften in der vornehmen Gesellschaft jo hoch im Berth standen? Diese glanzende Außenseite decte in den Augen der ropalistisch schwärmenden englischen Belt die inneren Gehler ju, die finnliche genuffüchtige Ratur, tas Streben, ben Staatsichat zur Befriedigung ber eigenen Reigungen und Lufte auszubeuten, ben hang jur Falfcheit, jur Frivolitat, jur Difachtung gefetlicher Schranken, flaatlicher Ordnungen, menschlicher Rechte. Die Ausschweifungen, Die Singebung an die Lafter und Begierden bes Gleisches, die am Sof berrichend maren, wurden in allen Rreifen nachgeahmt, fanden Beifall und Billigung;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erhob fie zur Mode, fie galten als Beichen feiner Bildung. Standen ne doch im Gegensat zu ber Rigorofitat, zu der gezwungenen Enthaltsamkeit, welche das verhaßte Regiment der Puritaner der Nation auferlegt hatte. Leichtsertigkeit, Sittenlofigkeit, Beltlust gehörten zu dem herrschenden System. Das Bethaus wurde durch das Theater verdrängt, unter den wechselnden Liebschaften bes Königs nahmen Schauspielerinnen eine wichtige Stelle ein. Man erging sich in sartastischen Bemerkungen und Spottreden gegen die Sonderlinge, die noch an alter Sitte und Tugend festhielten. 3m Salon und an ber Tafel des Königs gehörte es zum guten Ton, Alles auch bas Burbige und Bedeutende ins Lächerliche zu ziehen. "Alle leichteren Gattungen ber Literatur erhielten burch die borherrschende Bugellofigkeit dunkle Fleden; die Dichtkunft gab fich zur Rupplerin jeder niedrigen Begierde ber; die Satire, anftatt Schuld und Irrthum erröthen zu machen, mandte ihre furchtbaren Bfeile gegen Unschuld und Bahrbeit."

Schottlanb.

Die fcottifden Bresbyterianer hatten einft den Anftoß jum Umfturg ber Cpiscopaffirche in England gegeben und ihr eigenes Rirchenwelen jur Berrichaft, jur Staatsfirche erhoben. Bas war natürlicher, als daß die rudbewegende Stromung nunmehr ihren Beg nach bem Mutterschoof, nach ber Ursprungftatte nahm? Das bischöfliche Suftem, bas Rarl I. nicht burchzuführen vermocht hatte, wurde jest dem fcottifden Bolte auferlegt; die Uniformitatsatte follte auch für das nördliche Königreich Geltung baben, Leaque und Covenant follten nicht mehr fortbefteben, Geiftliche, von Bifcofen ordinirt, follten ben Gottesdienft nach der anglicanischen Liturgie abhalten. Die bochfirchliche Regierung glaubte ber Chriftenpflicht der Tolerang genugend Rechnung ju tragen, wenn fle den Presbyterianern, die nicht mit vollen Segeln in das royaliftifc staatefirchliche Lager einziehen wollten, unter dem Ramen "Indulgenz" eine halbe Dulbung gewährte. "Aber es gab viel ungeftume und entfchloffene Manner (fagt Macaulay), befonders in den weftlichen Riederlanden, welche der Meinung maren, das bie Berpflichtung, den Covenant ju balten, bober ftebe, ale die Berpflichtung, der Obrigfeit ju gehorchen. Die Menfchen fuhren fort, im Biderfpruch mit bem Gefes Berfammlungen ju halten und Gott auf ihre Art und Beife ju verebren. Die Indulgeng betrachteten fie nicht als eine halbe Entschädigung fur die Unbilden, welche von der Obrigkeit der Rirche jugefügt wurden, fondern als ein neues und um fo gehäffigeres Uebel, weil es unter bem Scheine einer Bobithat verborgen gehalten warb. Berfolgung, fagten fie, toune allein den Rorper todten, aber die fowarze Indulgenz todte die Seele. Mus den Städten vertrieben, verfammelten fie fich auf Saiden und in Gebirgen; durch die burgerliche Macht angegriffen, vertrieben fie ohne Bedenten Gewalt mit Gewalt. Bei jedem Conventitel erschienen fie in Baffen, mehrfach tam es zum offenen Aufruhr. Sie wurden mit Leichtigkeit befiegt, aber unter Riederlagen und Strafen wuchs ibr Muth. Gejagt gleich wilden Thieren, gefoltert, bis ihre Anochen breitgeschlagen maren, eingetertert au Sunderten, gebangt au Dunenden, au einer Beit preisgegeben ber Bugellofigfeit der Soldaten von England, ju einer andern der Barmberzigfeit von Rauberbanden bes Hochlandes, behaupteten fie trot ihrer Bedrangnis einen fo milden Muth, daß der fühnste und möchtigfte Dranger nicht umbin tonnte, ihre Bermegenheit und Bergweiflung ju fürchten".

Irland.

Auch in Irland, wo man die Rudführung des Stuartschen Königthums nicht minder enthusiastisch begrüßte, als in dem heimathlande der Familie, tonnte die Saat der alten Zwietracht nicht ausgerottet werden. Wohl wurde das harte und energische Spstem, durch welches Oliver die Insel ganz und gar anglistren wollte, verlassen und den neuen Besigern auserlegt, den dritten Theil ihres erwordenen Landes abzutreten; aber was gewann die alte Bevölkerung, wenn nun an die Stelle der Cromwellianer irländische Männer resormatorischen Bekenntnisses traten, wie sie durch Gunst oder Bischur auserlesen wurden? Selbst Graf Ormond, dem der Kanzler Clarendon, sein Freund und Gesinnungsverwandter, die irische Statthalterschaft als Preis seiner Treue und rohalistischen Hingebung zuwandte, war als strenger Anglicaner den Papisten verhaft. Der Gegensa der Religion und Abstammung dauerte fort; die Komanisten hegten gegen die englischen Ansiedler dieselben Antipathien, benselben Kacen- und Consessionschaft wie ihre Borsahren; von einer inneren Berschnung, von einem Streben nach friedsertigem Zusammenleben war keine Spur vorhanden. Zwischen keltischem und angelsächsischem Blut erbte die Feindschaft fort von Geschlecht zu Geschlecht.

Unter solchen Beichen ber Beit führte König Karl II. bas monarchische Regierungsspliem, bas mit seiner Rudberufung neubegrundet worden, zur Bollendung. Aber für die Ration wurde die Herrschaft des charakterlosen und wol-

luftigen Fürsten bald verhangnisvoll. Beder bas Schickfal bes Baters noch die eigenen Erlebniffe fruberer Tage dienten bem leichtfinnigen Stuart gur Lehre und Barnung. Un dem froblichen Sofe zu Bhitehall gedachte man weniger als ngendwo fonft ber ernften Bergangenheit. Die Bohlfahrt ber Ration trat zurud hinter ber Selbftsucht bes Ronigs und feiner Minifter und Soffinge; ber gefellichaftlice Glanz und die leichtfertigen Sitten von Berfailles bienten auch in London jum Borbild; die firchliche Ginheit ber Nation und ber monarchische Absolutis. mus, die Ludwig XIV. in das Staatsleben einzuführen befliffen mar, schwebten auch seinem englischen Beitgenoffen als Biel vor. Dit mehr Borficht als ber Batet aber mit berfelben Taltit fuchte fich Rarl II. ber Feffeln zu entledigen, welche Ginrichtungen und Gefete feiner fouveranen Gewalt auferlegten.

Bir miffen aus ber Gefchichte Frankreichs, bag Rarl, um bei feinen Ausgaben Danlirchen vertauft. ron den Bewilligungen des Parlaments unabhangig ju fein, Stadt und Gebiet bon Lintirchen an Frankreich vertaufte. Es focht den Ronig und feinen habgierigen Rangler Clarendon wenig an, daß der handel im protestantischen Europa schmerzliche Gefühle migte, daß man in England die Bertreibung ber dem romifchetatholifden Glauben abgewandten Landeleute mit Unwillen aufnahm, daß der Aurfürst von Brandenburg m London Borftellungen machen ließ. Für Cromwell, meinte der Stuart, habe der Befft des Plates Bedeutung gehabt, "weil er Ginfluß auf den Continent auszuuben, bas protestantische Gemeingefühl für fich zu erweden beabsichtigte"; Er aber theile diefes Etreben nicht, er wolle vielmehr die continentalen Ginfluffe von dem Staate und der kirche Englands fern halten. Ohne Sinn für die Ehre der Ration, trat daher Rarl für fünf Millionen Livres die Safenstadt an Ludwig XIV. ab und "verjubelte den 1662. Raufpreis".

In der Ruhm- und Chrfucht wetteiferte der englifche Ronig nicht mit dem fran- Coffeben und piffden Monarchen; um fo mehr wurde Ludwig und der Berfailler hof fein Borbild in andern Richtungen. Benn Karl Anfangs feine Mißbilligung aussprach, daß der frangofifche König die Damen, denen er feine Reigung zuwandte, an den hof, unter die Augen seiner rechtmäßigen Gemahlin brachte, so ahmte er das Beispiel bald mit Uebertreibung nach. Go wenig die fpamifche Infantin in Baris den finnlichen Begierden bres Semables genügte, fo wenig vermochte auch die portugiefische den englischen Ronig pu trijen und zu befriedigen. Beibe waren voll Liebe und hingebung für ihre tonigliben Cheherren und nicht ohne Schonheit und Anmuth, aber beibe, in flofterlicher Einfamkeit erzogen, waren fouchtern, mehr ber firchlichen Devotion als dem verfeinerten Beliteben zugethan und nicht geiftreich und gewandt genug, um zu feffeln und zu besaubern. So tam es, daß an beiben hofen das gefellschaftliche Leben nicht von den löniglichen Frauen bestimmt und geleitet warb, fondern von Matreffen. In Bhitehall Laby Caftnahm die Lady Caftlemain, die für die foonfte Frau in England galt, und eine glan- (Cleveland). imde Unterhaltungsgabe mit einen beweglichen intriganten Geift und mit einer Deis Aufchaft in allen Buhlkunsten und hofranten verband, dieselbe Stelle ein, wie in Berfailles La Ballière und Frau von Montespan. Sie wurde in den hofhalt der Königin aufgenommen und verdrängte die kleine füblanbifche Infantin, die ihrem Gemahl keine Ainder gebar, bald aus dem Bergen des Stuart. Boll Chrgeiz und herrichsucht übte ft einen mächtigen Ginfluß auf Bolitit und Staatsgeschäfte, ba fie den König durch hre launifde Gunft gang nach ihrem Billen lentte.

Rangler Clarendon

Dem Rangler Clarendon mar die tonigliche Geliebte nicht gewogen. Sie arbeitete unermudlich an feinem Sturge. Der Rangler befaß manche Eigenschaften, die ihn unliebfam machten und Bloge ju Angriffen darboten. Er mar berbe, anmagend und rechthaberifch und tonnte teinen Biderfpruch ertragen; auch war er in Geldfachen nicht ohne Matel. Man gab ihm Schuld, baß er der Beftechung juganglich fei, daß er Gefchente annehme, die auf feine amtlichen Sandlungen und Entscheidungen Ginfluß ubten. In den Softreifen flufterte man fic au. daß er den Ronig au der Beirath mit der portugiefifchen Infantin, von deren Unfruchtbarkeit er überzeugt gewefen, nur darum bestimmt habe, damit feine Entel, die Rinder feiner Lochter Anna, der Bergogin von Bort, dermaleinst ben enalischen Thron erben mochten. Seine ftarre Anbanglichteit an Die anglicanifche Episcopalfirche mar ber tatholicirenden Sofcamarilla, infonderheit der Ronigin Mutter Marie Benriette ein Dorn im Muge. Aber ber Lordfangler befaß folde Uebung und Gewandtheit in den Staatsgeschaften, hatte unter den Bischofen und Beiftlichen, unter den Richtern und Beamten, unter der Geld- und Geburtsariftocratie fo viele Unbanger, mar ein fo gewaltiger Redner im Parlament, fo gefchickt im Ausarbeiten von Staatsfchriften, wußte im geheimen Rathe fo flar und nachdrudlich feine Bortrage ju begrunden, daß er dem Ronig und der Regierung unentbehrlich mar. Es ift uns befannt, wie febr Rarl feine mabrend des Erile bewiesene Treue und Anbanglichteit an die Stuart'iche Dynaftie und feine erfolgreiche Thatigfeit fur die Berftellung des Thrones belohnt hatte ; er mar das Saupt des Cabinets, alle Staatsgefcafte lagen auf feinen Schultern, ba ber arbeitscheue Monarch gerne ihm alle Laften und Sorgen aufburdete ; und Clarendon icheute feine Mube, feinem Berrn Beld in die Raffe au liefern, mas in deffen Mugen der bochfte Borgug mar.

Rarl's reli= giofe Anfich= ftrebungen.

Und nicht blos im Sofleben, auch in den religiofen und firchlichen Angelegenheiten ten und Ber nahm fich der Stuart'iche Konig feinen Bourbon'ichen Beitgenoffen zum Borbild, fo verschieden auch die Stellung beider Boller und Monarchen zu diefer Frage mar. Bit uns befannt, hat man icon mabrend des Exils von einem Uebertritt Rarls gur tatho: lifchen Rirche gesprochen, und es unterliegt teinem 3weifel, daß er damals wie in der Folgezeit mit Rom wegen eines solchen Schrittes Unterhandlungen gepflogen hat. Db und zu welcher Beit er aber in Birklichkeit beimlich den romifchen Rirchenglauben angenommen, ift nie mit Sicherheit an den Tag getommen. Er war ftets befiffen, den Ratholiken Englands Erleichterung zu verschaffen theils aus innerer Sympathie, theils aus Dankbarkeit für manche Dienste und für die Anhanglichkeit, die fie ihm in fcwierigen Lagen bewiesen; aber bon dem Fanatismus feines ftrengeren und beschrantteren Bruders Jacob war Karl weit entfernt. Wenn er einer Berbindung mit dem Bontificat innerlich nicht widerstrebte, so sollte doch die anglicanische Rirche eine selbständige hierarchifde Berfaffung behalten, die dem papftlichen Stuble nur gewiffe Refervatrechte eingeräumt haben wurde. Ein nationales Patriarchat und Landesconcil follte in den der vereinigten Reichen die firchlichen Dinge mahren und pflegen. Dem zweiten Rarl schwebte eine anglicanisch-tatholische Kirche vor, die in den Dogmen und Cultusformen fich möglichst enge an die Papstirche anschließen, in der Berwaltung und in den bierarchi fcen Ordnungen und Rechten möglichft unabhangig fein, auf eigenen Fußen fleben follte. Innerhalb diefes firchlichen Organismus tonnten nach feiner Anficht Spiscopale. Papiften und Presbyterianer ihre Stelle finden somit eine gewiffe firchliche Umiformitat und Ginheit begrundet werden, welche die englische Reichstirche mit ber romifd tatho lifden Rirde des Continents in eine Art von Berbindung und Uebereinstimmung brachte. ohne daß damit die durch die Reformation bewirkte nationale Gigenthumlichkeit und Selbständigkeit aufgehoben wurde. Mit folden unioniftifden Blanen bat fic Rarl fo weit es fich mit feiner oberflächlichen Ratur vertrug, feine gange Regierungszeit bindurch

beschäftigt; und auch bier wirkte bas Beispiel Frankreichs mehr ober minder anregend auf ihn ein. Bir wiffen, daß Ludwig XIV. und die frangofische Glerarchie auch ber gallicanischen Rirche eine größere Unabhangigkeit bon Rom zu verschaffen bemuht mas ren, daß die ultramontanen Tendengen der Befuiten bei dem gallicanischen Rlerus und der Staatsregierung wenig Sympathie fanden, daß dem Machthaber von Berfailles ein national und firchlich geeinigtes Staatsmefen unter einem absoluten Dberhaupte als 3deal einer mabren Monarchie vorschwebte. In diesem Sinne murden auf dem Parifer Rationalconcil die vier Fundamentalgefete ber gallicanifden Rirche feftgeftellt, in diefem Sinne die Revocation des Chittes bon Rantes befchloffen. Much in England murben fcon in ben erften Regierungsjahren Rarls einleitenbe Schritte gur Erweiterung ber Uniformitatsatte verfucht, durch melde die episcopale hierarchie gur Gemeinschaft mit Rom zurudgeführt werden möchte. So lange es galt, die anabaptistischen Secten und Schwarmer, die fich immer noch von Beit zu Beit regten, mit ber Strenge bes Befetes niederzuschlagen, ließ die Regierung die bischöflichen Gerichtshofe auf Grund des liebereinstimmungsgeseges rubig ihren Sang geben und unterftutte ihren Gifer durch ben weltlichen Urm: auch mit ben Presbyterianern hatte man wenig Mitleid und Rachfict. Als aber die Spiscopalen ihre Rache an den Diffenters gestillt und die Strenge der Ronconformistengesete auch die tatholischen Recusanten betraf, da erinnerte fich Rarl wieder feiner früheren Bufagen und er munichte eine Milberung ber Gefege. Seit diefer Beit ging bem Ronig ber Drud, unter bem bie Ratholiten feufzten, febr zu Bergen. In diefer Stimmung ließ er im Decbr. 1662 eine "Declaration" betannt machen, worin gefagt war, daß es ju der Prarogative der Rrone gebore, bon der Ausführung bes Uniformitatsgesehes zu difpenfiren; bag er demgemäß seine romifch-tatholischen Unterthanen, die ihm und dem Reiche viele Dienfte geleiftet, bon der Jurisdiction der geiftlichen Gerichtshofe und von den auferlegten Strafen entbinde. Richt eine allgemeine Tolerang, hieß es in dem Manifeft, noch eine Gleichstellung der Betenntniffe liege in des Ronigs Abficht, ber Unterschied zwischen Diffenters und Betennern ber Staatstirche folle fortbefteben; aber um bes Friedens und der Gerechtigkeit willen halte er es für angemeffen, den tatholischen Glaubensverwandten "Indulgenz" ju gemahren. In ber Thronrede, womit die neue Sigung des Parlaments im folgenden gebruar eröffnet 18. Bebr. ward, empfahl ber Ronig ben beiden Baufern Die Annahme ber "Declaration". Da erfuhr er aber einen unerwarteten Biderftand. Beit entfernt, bas Difpensationerccht der Krone anzuerkennen, erklärte vielmehr bas Unterhaus, die Uniformitätsatte fei ein altes Landesgeses, das nur durch Barlamentsbeschluß verandert oder außer Rraft geset werden fonne ; dem Ronig habe gar nicht das Recht zugeftanden, in dem Manifest von Breda derartige Buficherungen ju geben. In abnlichem Sinne ließ fich auch bas Oberhaus vernehmen. Die Bifcofe, die bier ben Ausschlag gaben, wollten nichts von einer Brarogative boren, die Befuiten und Ordensgeiftliche ins Land jurudjuführen und dem Papismus aufs Reue den Bugang zu öffnen drohte. Selbst der Kanzler sprach sich mißbilligend über die Declaration des Konigs aus. Es war bas erfte Symptom, daß ihre Bege auseinander gingen. Bereits ftanden henry Bennet, welcher gegen Clarendons Billen jum Staatsfecretar erhoben worden, Afhley Cooper und ber tatholifche Lord Briftol hober in der Bofgunft. Der lette, ein Ebelmann bon Genialitat und fcmungvoller Rede, machte icon bei diefer Gelegenheit einen Bersuch, den Rangler durch eine Antlage por den Lords zu fturzen. Aber bas Unternehmen icheiterte; noch ftand Clas undon zu fest in b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Der Ronig aber tonnte aus bem Borgange ben Schluß ziehen, bag Reunionsgebanten in der englischen Ration teinen Untlang fanden. Unter den Rampfen gegen den Papismus erftartte in der anglicanischen Rirche das protestantische Bewußtsein, die Ginfict, daß fie ben Reformationsfirchen des Continents

470

verwandt sei. Bu teiner Beit, weber früher noch später, trat ber protestantische Charatter in ber anglotatholischen Episcopaltirche fo fcarf bervor als unter ben beiden letten Stuarts. Und auch in Rom war man fehr fuhl gegen die Anzeichen tatholis eirenden Tendengen; für halbe Mabregeln war jene Beit der icharfften Reaction nicht empfänglich. Bas nicht auf bem Grunde des Eridentinums beruhte, galt den Papiften als Reperei. Bir wiffen, daß auch ber frangofifche Ronig und Rlerus reumuthig in ben Schoof des Romanismus gurudtehrte. Damals wollte man von teiner Seitenthure, bon teinem Ginfdleichen in die Behaufungen der romifden Rechtglaubigfeit miffen. Ber nicht durch die offene Pforte eingeben wollte, follte draußen bleiben. Rur der Beg der Beuchelei war nicht verschloffen, und auf dem ift Rarl II. bis zu feinem Lod gewandelt.

Die Regies Es war als ob Ratur und Menschen fich vereinigt hatten, das englische rung und bie neue Bartets Reich in ben erften Jahren der Stuartichen Restauration mit ichweren Drangbilbung. falen heimzusuchen. Eine Pestseuche stürzte in einem einzigen Sommer hundert-1666, taufend Bewohner ber Hauptstadt ins Grab; im nachsten Jahr verzehrten die Plammen zwei Drittel von London, 13,000 Säufer und 89 Kirchen. Bald darauf befuhr, wie fruber ermahnt (S. 372.), Die hollandische Flotte Die Themife, verbrannte die Rriegsschiffe, raubte Fahrzeuge und Gut und bedrobte die Hauptftadt. Den leichtfinnigen Stuart focht dies Alles wenig an; es wird erzählt, daß am Tage bes Flottenbrandes, als die Burgerichaft Londons jum erftenmal von bem Donner fremden Geschützes erschreckt ward, ber Ronig mit seinen Bublerinnen in findischem Getandel einer Motte nachjagte. Die hohen Geldbewilligungen bes Parlaments fur ben Rrieg bienten gur Bereicherung ber Schmeichler und 1607. Sofflinge. In bem Frieden von Breda nahm England Schaden an Chre und Ansehen. Gine große Berftimmung gegen ben Sof ging burch die gange Ration: man verglich die Croinwellschen Triumphe mit der rubinlosen Gegenwart, bamals habe eine fraftvolle protestantische Politit gewaltet, jest buble man mit bem Romanismus. Scharfer als je wurden bie fatholicirenden Tendenzen verurtheilt. Roch jest lieft man auf bem Dentmale, bas zur Erinnerung an ben großen Brand in ber City errichtet marb, die schwere Beschuldigung, daß die Ratholifen bas Unglud angestiftet hatten. Bahrend ber Bejt, als ber Bof nach Orford flüchtete und die anglicanischen Bischofe und Beiftlichen fich furchtsam ju Sause hielten, hatten puritanische Seelforger ben Leibenden und Sterbenden die Borte bes Lebens, die Tröftungen des Evangeliums gebracht; und fie follten verjagt, gestraft, verfolgt werden, weil sie nach der Borschrift ihres Gemiffens und ihrer Ucberzeugung ihr Gebet verrichteten und bas Abendmahl empfingen? Ein Bug von Mitleib und Theilnahme durchdrang die Gemuther. Parlament und hierarchie geriethen in Beforgniß, daß bas Bolt vor bem Papismus ber Soffreise sich wieder in den Schoof des Puritanismus flüchten mochte. Die Reichsftande in Orford suchten baber burch eine neue Afte die Conformitat ficher au ftellen. Bedermann follte fich eidlich verpflichten, bag er auf teine Beranderung in Staat

und Rirche bente und bag er es für ungesetlich halte, unter mas immer für Um-

ftanben Baffen gegen ben Konig ober feine Beauftragten zu führen. Jeber Brediger ober Lehrer ber den Eid verweigere, folle won dem Orte, wo er bisber gelebt und gelehrt, auf funf Deilen entfernt bleiben. Dieje Atte bes unbedingten paffiven Gehorfams follte ein neues Bollwert für die Uniformitat fein : aber fie machte in ihrer Scharfe einen fo wiberwartigen Einbrud, bag fie nie in ihrem gangen Umfang gur Geltung gebracht werben tonnte. Die Bresbyferiauer bebarrten bei ber Doetrin, bag unter gewiffen Umftanben Biberftand erlaubt fei.

Bald nach bem Frieden bon Breba jog fich ein heftiger Sturm über bem Clarenbone Saupte Des Ranglers Clarenton gufammen. 3m Unterhaufe waren fcarfe Reben Berbangegen die ungetreue Finanzverwaftung, gegen bie Berfcleuberung ber Staats. gelber mabrend bes hoffandischen Rrieges gefichet worben; man batte die Riederfehung einer Commiffion gur Brufung ber Rechnungebucher ber bei ben Ausgaben betheiligten Beamten verlangt. Clarendon, dem alle Fehler und Uebelstande in der Bermaftung zur Last gelegt wurden, war ber Anficht, der Ronig solle das Barlament auflösen, damit nicht die Opposition wieder wie ehedem die Regierungsgewalt lagme und ichroache, Die Prarogative ber Rrone von Reuein in Frage fielle. Die Runde von diefem Rath drang bald in die Deffentlichkeit und bermehrte die Abneigung gegen ben Leiter ber Staatsgeschafte. Befonders waren die Bifchofe und alle Hochfirchlichen über das Borhaben etzurnt, weil fie fürchteten, bei ber vorherrichenben Stromung b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wurden die Bresbyterianer wieber in die Bobe tommen. Aber auch in andern Rreisen hatte der Kangler wenig Freunde. Die Diffenters haften in ihm ben schroffen und ftrengen Berfechter ber Uniformität; die Royalisten gurnten ibm, daß er durch das ftricte Festhalten an der Indemnität die Biedergewinnung ihrer verlornen Guter verhinderte; fein prachtvoller Balaft, den er erbauen ließ und mit den berrlichsten Bilbern von ban Dot und andern Meistern ausschmudte, seine Reichthumer, über beren Erwerbung allerlei ungunftige Gerüchte im Lanbe umliefen, erregten Reid und Miggunst und scharften die bofen Bungen. Much am hofe, im geheimen Rathe, bei ben Lords hatte er gablreiche Gegner. Geine farfastischen Bemerkungen über die galanten Berren und Damen, über die Stuter und Poffenreißer bei Sofe, die langen Moralpredigten, die er dem Konig nber seinen unfittlichen Lebenswandel, über seine fundenvolle Gesellschaft hielt, erregten unangenehme und bittere Empfindungen; Lady Caftlemain feste alle Intriguen und Buhlfunfte wider ihn in Bewegung; die Mitglieder des Cabinets, die viel unter seinem barichen bochfahrenden Wefen zu leiden hatten, und von denen manche, wie Billiam Coventry an Macht: und Ginflus zu gewinnen bofften. manichten feine Entfernung. Alle biefe Gegner nahmen mit Schabenfreude wahr, daß der Rangler feinen früher fo ftarten Rudhalt im Barlamente und in ber Nation verloren habe, und festen alle Bebel ein, ben verhaßten und beneibeten Staatsmann zu Fall zu bringen. Es gelang ihnen nur zu wohl. Rarl fühlte fich ohnedies gedrudt und beengt durch die alten Rathgeber, die ihn noch immer

unter einer Art von Bormundicaft hielten; er wollte gerne von ihrer hofmeisterlichen Beauffichtigung frei fein, um befto fchrantenlofer fich feinen Luften und Reigungen bingeben zu tonnen. Clarendon begte immer noch eine gewiffe Bietat für die altenglische Berfaffung, für parlamentarische Rechte; er bulbete nicht, daß bie Fundamentalgesete ber alten Monarchie verlett ober umgangen wurden. "Seine Idee mar, die Brarogative des erblichen Konigthums, ausgeübt burch bie Großwurdentrager ber Krone, und die bischöfliche Rirche mit ber parlamentarifchen Berfaffung zu combiniren und alle entgegengefesten Clemente gurud. jubrangen ober zu erdruden." Dadurch fab fich ber Konig zu manchen Rudfichten gegenüber dem Parlamente und dem gefetlichen Bertommen genothigt, Die ibm oft läftig waren. Diefer Fesseln munichte er entbunden au sein, um im Sinne seines großen Beitgenoffen jenseits bes Ranals in die Bahnen einer absoluten Monarchie einzulenten, mit Sulfe ber militarischen Macht feine Prarogative

auszudehnen und in ben vollen Befit einer burchgreifenden Gewalt und Au-Mus. 1667. toritat ju tommen. Go erfolgte benn der Sturg bes Ranglers. Er murde in Ungnade feines hohen Amtes entlaffen und bas Reichsfiegel in die Sande von Orlando Bridgeman gelegt. Das genügte jedoch feinen Begnern nicht. Es bildete fich eine Coalition von Mitgliedern bes geheimen Raths und der beiden Baufer, welche eine Anklage auf Sochverrath aufstellten. Er follte bas Schicfal von Strafford erleiden. Schon murbe bei ben Lords ber Antrag auf feine Berhaftung eingebracht, nachdem feine Rechtfertigungefdrift öffentlich burch Bentereband verbrannt worden. Da ertannte ber Minifter, daß er in England nicht mehr ficher fei; er entfloh nach Frankreich, verfolgt von einem Parlamentsbeschluß, ber ihn zu ewiger Berbannung verdammte. Seine Rudtehr follte als Hochverrath betrachtet werden und feine Begnadigung nur unter Beiftimmung beider Saufer erfolgen burfen.

Clarenbone

Durch diefen Berbannungefpruch wollte man ber Möglichkeit vorbeugen, bas im Musgang und Salle eines Thronwechsels der verhaßte Mann durch seinen Schwiegerfohn jurudgerufen werben mochte. Clarendon bat nie wieder das Land feiner Beimath betreten. Seine Bitten um Rudfehr blieben unerfullt. Auf frangofischem Boben vollendete er feine "Gefdicte ber englischen Rebellion und Burgerfriege", die er fcon in bem erften Gril begonnen, und die Schrift über feine eigene Staatsverwaltung. Bugleich Geschichte und Memoiren find feine fdriftlichen Arbeiten "das Spiegelbild feiner Stellung, feiner Beftrebungen und Ibeen", niedergeschrieben im vollen Gefühle ber fich vollziehenden Greigniffe und in rafdem Redefluß die Gindrude wiedergebend, die Menfchen und Dinge in ibm jurudgelaffen, "ein prachtiges Dentmal ber Beit, namentlich aller ber Danner. welche in dem Ronigthum von England jugleich bas alte Gefet und die anglicanische Rirche bertheidigten." Clarendon ftarb in Rouen am 9. December 1674.

## 2. Das Cabal-Ministerium und die Cestakte.

Das Parlament hatte keine Ursache fich über ben Fall bes Ranglers, ben Das neue es in einer Stimmung leidenschaftlicher Aufwallung berbeigeführt, au freuen. Es tamen Stunden, in benen Lords und Gemeine Die Rudfehr bes Berbannten

gewünscht batten. Denn nur zu bald erhob fich von Reuem ein Rampf zwischen bein nach Unumschranttheit ftrebenden Ronigthum und dem die Bolterechte und bie Landesreligion mahrenden Barlamente, ber an frühere Borgange erinnerte. Beiftreiche aber grundfatlofe Manner, jum Theil ben Boffreifen angehörend. bemächtigten fich der Regierung und verfolgten eine Bolitit, die ohne Ructucht auf die Ehre und Boblfahrt der Ration nur den felbstfüchtigen 3weden des Monarchen biente. Rach den Anfangsbuchftaben der Ramen feiner Mitglieder (Clifford, Arlington, Budingham, Afbley, Lauderdale) wurde das Cabinet bom Bolfe bezeichnend bas "Cabal"-Ministerium genannt, eine Benennung, Die so carafteriftisch erschien, daß fie eine geschichtliche Bedeutung erlangte.

An der Spige bes neuen Cabinets ftand lange Beit George Billiers, Bergog von Buding. Budingham, ber Sohn jenes Gunftlings, ber bie beiben erften Stuarts auf Die Babn bes Berberbens geführt hatte. Musichweifend, vergnugungsfüchtig und leichtfertig wie ber Bater, im Geschaftsleben amifchen Berftreuung und Unftrengung getheilt, von beweglichem Charafter und mandelbaren Grundfagen und dabei voll Chrgeiz und Berrich. fucht, mußte fich der gewandte Lord durch die Gunft bes Ronigs zu einer fo einflugreichen Stellung emporzuschwingen, bas die innere und auswärtige Bolitit hauptfachlich von ihm bestimmt ward, aber in einer Richtung, wie fie ben Bunfchen und Reigungen des Monarchen entsprach. Rarl war bem Boflinge, ber feine Liebschaften mit Schauspielerinnen vermittelte und die nachtlichen Belage im Schloffe durch feinen beißenden Bis, feine Unterhaltungsgabe und feine Spottfucht belebte, febr jugethan; er überfah es, daß berfelbe ben Carl bon Shrewsburg, mit beffen Gemablin er in einem Liebesberhaltniß ftand, im Duell tobtete, und bann, obgleich verheirathet, baffelbe Berhaltniß ju ber Dame fortfette. - Budingham theilte die Abneigung des Konigs gegen bas Barlament, das immer wieder auf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Bermendung der Staatsgelder drang, bas fo fprode in feinen Bewilligungen und fo ftandhaft in ber Bahrung der Landesrechte mar. Auch in dem Biderwillen gegen die ftarre bifcofliche Orthodogie Rirchenstimmte er mit feinem Gebieter überein und begunftigte die liberalereligiöfen Tendengen, die im Gegenfat ju ber Uniformitat fur eine Solerang-Atte Boben ju fcaffen fuchten. Bahrend aber ber Stuart babei nur die Ratholiten im Auge hatte, nur der romifden Rirche, für die er allein Spmpathien begte, eine freie Rechtsstellung fchaffen wollte, wunschte ber Bergog, ber fich den Presbyterianern zuneigte, die Duldung auch auf die übrigen Diffenters auszudehnen. Es murben mit Barter und andern gemäßigten Ronconformiften neue Unterhandlungen angefnupft. Durch einige Ermäßigungen in ber Conformitatsatte follten die Presbyterianer in die Lage gefest werden, fich mit der Staatstirche zu verfohnen; eine "Indulgenz", wie wir fie icon oben in Schottland tennen gelernt, follte die Abweichenden vor Strafe fougen und Conventitel julaffen.

Auch die übrigen Mitglieder bes "Cabal-Ministeriums" waren zu einem Ratholift-Feldzug gegen Barlament und Episcopalfirche bereit; die Einen wie Clifford und bengen. Arlington aus tatholischen Interessen, Die Andern aus Indifferentismus ober Servilität. Standische Rechte und Confessionalismus standen mit ber Richtung der Beit nicht mehr in Einklang. Die damals an dem tonangebenden frangofischen hofe berrichende Sitte, durch Religionswechsel und Brofelptenmachen seine vornehme Bildung und feine Lebensart zu beweisen, hatte bereits auch in England Burgel gefaßt. Die gange bobe Gefellichaft, folgte bem Impulse der Beit, ben

Einfluffen, welche die politische Machtftellung ber römisch-tatholischen Großstaaten, die berrichende Richtung ber Literatur und Runft auf bas Geistesleben Rie batte bie priefterliche Progaganda größere Erfolge in ihrer Betehrungsthatigfeit aufzuweisen. Der Bergog von Bort, bes Ronigs Bruber und muthmaglicher Thronerbe, trat zur romifden Rirche über und brachte auch feine Gemablin, jum großen Schmerz ihres Baters, bes verbanten Ranglers Clarendon ju bemfelben Schritt; und bag Rarl II. mit feinen gegenreformatorischen Ibeen nicht offen hervortrat, daß er feine tatholifde Ueberzeigung in feiner Bruft berfolog und lieber auf bem unbeimlichen Blade ber Beuchelei und Ralichbeit fortwandelte, rührte zum guten Theil von dem Mathe Ludwigs XIV. ber, der von einem offenen Religionswechsel und von einer übereilten Rundgebung romaniürender Reigungen Gefahr für das Bundnig fürchtete, über welches damals awischen beiben Königen geheime Unterhandlungen gepflogen wurden. Go bereinigten fich absolutistische und tatholisirende Tendenzen, um den englischen Staats- und Rirchenbau ju untergraben und ju Falle ju bringen, eine fubverfibe Politit wie fie in ben Tagen Straffords und Lauds unternommen worden war. Danials ftand bas Inselreich allein und verlaffen ba, jest schickte fich aber die Regierung an, mit der erften Großmacht eine Aflianz zu Schut und Trut aufzurichten.

Das franges Bir haben die politische Lage jener Beit früher tennen gelernt. Die Triplelifide Ro- Allianz, bie den Frieden von Aachen erzwang und ein Gleichgewicht ber euronigebanduts. paifchen Machte zu begrunden suchte, war durch die vereinte Thatigkeit des hollandischen Staatsmannes be Bitt und bes englischen Gefandten Billiam Temple zu Stande gebracht worden. Run wiffen wir aber, wie wenig Karl II. von jeher ben ariftofratischen Raufherren, Die bamals an ber Spipe ber General. staaten ftanben, geneigt mar, wie wenig ein Bund mit ber protestantischen Republit, ber ihn zu ber tatholischen Belt in feindlichen Gegensat zu bringen brobte, seinen Berzensneigungen entsprach. Sollte er Sand in Sand mit einer Regierung geben, welche feinen Bermandten bon der Statthalterichaft in Bolland ausgeschlossen, welche ber Seeherrschaft und ben Colonisationen Englands in Oftund Bestindien eine fo ftarte Rivalitat entgegen brachte ? Bie viel vortheilhafter und awedmäßiger war eine Alliang mit Frantreich! Ludwig XIV., ber erfte Monarch ber Beit, bas unbeschränkte Oberhaupt bes machtigften Staats, ber Gelb für seine Freunde und Waffen gegen die Reinde besog, ber bereit war jedem Rampfgenoffen für Thron und Altar beizusteben, war in ben Augen des Ronigs und ber Bofcamarilla ber rechte Mann, an den man fich anschließen muffe. Sine enge Berbrüderung der beiden Monarchen tonnte den von absolutiftischen und tatholifden Ibeen erfüllten Ronig an ber Themfe allein zu bem erfehnten Biele führen. Rur frangofische Sulfegelder bermochten ibn aus ber widerwartigen Lage zu befreien, ben guten Billen bes Barlaments burch Bugeftandniffe erlaufen Jan. 1869. ju muffen. Der tatholifche Lord Arundel of Bardour, Der Raris befonderes

Bertrauen befaß, machte in Baris die erften Eröffnungen über die Gefinnung bes englischen Ronigs, die in den Tuilerien mit dem größten Boblgefallen aufgenonimen wurden. Es ift uns befannt, wie bann unter Bermittelung ber Berjogin bon Orleans, ber Stuart'ichen Ronigstochter ber geheime Bertrag bon Dover jum Abichluß geführt mard. Es war eine zwischen beiden Monarchen Bai 1870. perfonlich vereinbarte Allianz, in welcher Rarl die Ehre und Unabhangigkeit des englischen Thrones und ben Glauben feiner Jugend um Jahrgelber und Mätreffen hingab.

Bie früher erwähnt, wurde der Bertrag von allen Ministern unterzeichnet und dann beröffentlicht. Doch nur Glifford und Arlington wußten um die Busage ber Religionsveranderung des Ronigs; den drei andern, Budingham, Lauderdale und Afhlen Cooper blieb diefer Artifel verborgen. Durch den Tractat von Dover trat Rarl II. gleichsam in ein Bafallitatsverbaltniß zu dem frangofischen Ronig, bas ibn jum Rrieg wider die Riederlande verpflichtete und die freie Action der Staatsregierung lähmte. Dafür follte ihn der machtige Rachbar in feinen inneren Rauchfen, die nicht ausbleiben konnten, unterftugen. Denn wie groß auch die nationale Cifersucht ber beiden feebeberrichenden Rationen fein mochte; eine frangofische Alliang, welche die Religion bes Landes und die parlamentarische Berfaffung gefährbete, mar doch ein zu duntles Schredgespenft, als bas nicht die mercantilen Intereffen daburch in ben hintergrund hatten gebrangt werben follen. Die Gleichaultigkeit des hofes und bes Rabinets gegen die boberen Lebensaufgaben, gegen Chre und Rationalgefühl, fcarfte in der patriotifchen Bartel den Sim fur die idealen Guter, fur Recht, Freiheit und Gewiffen. Alls Konig Rarl ben papftlichen Runtius von Bruffel in geheimer Aubieng empfing und nov. 1670. der Bergog von Bort fich dabei einfand, wurde der Bund zwischen den Stuarts und der englischen Ration aufs Reue durchschnitten.

Als bas geheime Bundniß mit Franfreich abgeschloffen murbe, mar bas Regierung u Parlament, bas bavon teine Ahnung hatte, gegen die Regierung beffer gestimmt als in ben borbergebenden Sahren. Man mar mit ber auswärtigen Politit, wie sie in der Tripkallianz ihren Ausdruck gefunden, einverstanden; man ließ ben Antrag einer Untersuchung über bie Bermaltung ber Rriegsgelber fallen, man bewilligte eine Beinauflage, die man auf 300,000 Pf. St. jahrlich berechnete. Rur über die Nachsicht gegen die Ratholiten und die pavistischen Briefter und Emiffare fprach fich die Bersammlung migbilligend aus und brang auf strengere Durchführung der Bonalgesete, und gegen Frankreich zeigte fie unverhohlen Dif. trauen und Abneigung. Und gerade in diesen beiden Fragen schlug nun die Regierung Bege ein, die nothwendig ju großen Conflicten mit der gefet. gebenden Gewalt führen mußten. Auf welchen Biderftand mußte fich bas Cabal-Ministerium, beffen Leitung das auswärtige Amt ausschließlich anvertraut mar, gefaßt machen, wenn ber beabsichtigte Rrieg gegen die Riederlande an der Seite Frankreichs jum Ausbruch tam? Denn bagu lag boch feine burchschlagende Beranlaffung bor. Bar auch ber Flottenbrand bei Chatam nicht vergeffen, batte es auch in England Mergerniß erregt, daß in Abbildungen und Denkmungen ber Borfall von ben Sollandern in rubmrediger, bas englische Rationalgefühl verlegender Beise dargestellt worden war, hatten auch in ben Gemäffern bes westlichen und öftlichen Indiens bie und ba Reibungen zwischen Sandelsfahrzeugen stattgefunden, so walteten boch andererseits so viele gemeinsame Interessen zwischen ben protestantischen Rachbarftaaten ob, bag ein fo gewalttbatiges und feindseliges Auftreten, wie die Regierung bor batte, die fcharffte Migbilligung bei bem größten Theil der Ration bervorrusen mußte. Daber wurde auch im Cabinet ernstlich in Erwägung gezogen, ob nicht bas haus aufgelöft und neue Barlamentswahlen angeordnet werden follten. Aber die Berfammlung hatte ja in fo vielen Fallen ihre Lopalität und ihre hingebung fur bas reftaurirte Konigthum bewahrt, daß es zweifelhaft erscheinen mußte, ob ein neugewähltes Unterhaus willfähriger fein wurde. So murbe benn beschloffen, es noch weiter mit bem gegenwärtigen Barlamente zu versuchen. Das Cabinet hielt fich burch ben Bund mit Frantreich für so ftart, daß es jeder Opposition trogen zu tonnen glaubte.

Das Gabals Minife

Thomas Clifford, einer der eifrigsten Ratholiten und seit dem Bertrag von Dover rum, ber eigentliche Führer bes auswärtigen Amtes, war fogar ber Meinung, ber Konig follte feinen Uebertritt zur tatholifden Rirche noch vor ber Rriegserflarung befannt Ein Selmann bon feuriger ftreitfertiger Ratur, nicht ohne Bildung und literarisch-kunftlerische Intereffen, wenn auch in erfter Linie dem Baidwert und den Baffen zugethan, hielt er es für ritterlicher und ehrenhafter, wenn die Regierung felbft die Lofung ju einem Rampfe gebe, der ja doch nicht ausbleiben konne. Der Bergog bon Bort, der feit feiner Betehrung ein fanatifcher Anhanger feines neuen Glaubens war, unterftuste seinen Freund und Sefinnungsgenoffen. In seinem Gifer warf er fogar einmal bin, daß ein Ronig und ein Parlament nicht mehr miteinander befteben konnten. Auch henry Bennet Graf von Arlington, ein Mann von burgerlicher hertunft und urfprunglich jum Beiftlichen erzogen, ftand auf Seiten Cliffords, bem er seine Erhebung jum Staatsseeretar verdantte; aber ein ruhiger und gemäßigter Mann von gutem Benehmen und feiner Sitte und Bildung, ber gern baute und fürftlich wohnte, rieth er bon rafdem unzeitigen Borgeben ab. Man follte fich zubor mit bem römischen Stuhl über ein Concordat verfländigen. Die brei andern, Lauderdale, ein fcottischer Presbyterianer, raub und gebieterisch aber von großer Gelehrfamkeit, Afbley Cooper, ein Freidenter im Geifte feines Freundes Lode und Rudingham, innerlich indifferent, außerlich den Ronconformiften juncigend, waren nicht eingeweiht in den Plan eines Religionswechsels des Ronigs, ftimmten aber barin mit ber hofpartei überein, bas man fich um das Parlament nicht viel befummern folle, Lauderbale fab in demfelben nur ein Bertzeug ber Macht. Er hatte es in feiner fcotificen Seimath, mit Sulfe des Abels und der bifcoflicen Beiftlichfeit dabin gebracht, daß der Coinburger Landtag der Rrone eine fast unumschränkte Autoritat über die Rirche gusprach. Die Idee einer Bereinigung mit England, die er ber Berfammlung in Ausficht ftellte, batte für die Schotten viel Berlodendes. Dic Schrift eines ichottifchen Gelehrten, worin bargelegt warb, "daß die legislative Sewalt und bas Recht der Steuerbewillung von den Königen dem Parlamente verliehen worden und von ihnen zurudgenommen werden tonnten", wurde seinem Einfluß zugeschrieben, Es war ber Standpuntt des erften Stuart. Aufs Reue murde die Controversfrage auf ben Rampfplat geführt, "ob die Summe der Regierungsgewalt dem jedesmaligen Inhaber bes Thrones eigne, oder ob die gesetliche Regierung des Landes erft durch das Busammenwirten der Rrone mit den beiden Saufern des Parlamentes gebildet werde".

## III. England unter ben zwei letten Stuarte u. Bilbelm III. 477

Budingham und Afblet wollten gunachft bie ftarre Uniformitat burchbrechen Regierung und für das Bringip der religiofen Tolerang Boden gewinnen. Gine neue tonig, ment mab liche Declaration, burch welche bie Strafgefete gegen Ronconformiften und Re-lanbifden cusanten suspendirt, den protestantischen Diffenters freier Gottesbienst an bestimm. 18. ten Orten, ben Ratholiken Sausandacht nach ihrem Ritus jugefichert und ihre Priefter unter ben Schut ber Obrigfeit gestellt murben, galt als bas Bert biefer beiden Minister. Das Parlament war dem Gedanten der Tolerang eben so abgeneigt wie dem Rriege, und bennoch traten beibe fast gleichzeitig ins Leben. Als die frangofischen Beere gegen Solland vorrudten, machte der englische Capitan Bolmes, noch ebe die Rriegserflärung erfolgt mar, einen Angriff quf ein hollanbisches Geschwader, das mit reicher Ladung aus Oftindien gekommen mar und bei der Infel Bight vor Anter lag. Balb barauf erfolgte die Bereinigung ber 23. Mars frangofifchenglischen Seemacht. Run mar die Enticheibung erfolgt, por ber icon feit Bochen "alle protestantischen Bergen ergitterten". England befampfte an ber Seite bes tatholischen Frankreich die hollandischen Glaubensvermandten. Bugleich erging an die Schatkammern ber Befehl, daß die bon ben Londoner Rapitaliften ber Regierung gemachten Borschuffe auf die Gintunfte bes Jahres 1672 nicht zurudbezahlt, die bon den Auflagen eingehenden Summen fammtlich für die Bedürfniffe des Rrieges verwendet werden follten, eine Magregel, durch welche bie Staatsglaubiger und alle, die von ihnen abhangig maren, auf das empfindlichfte getroffen wurden. Die Borfe befand fich in der größten Aufregung, mehrere große Sandlungshäuser fielen, Berzweiflung erfaßte die ganze Einwohnerschaft. Um Bfingften erfolgte die Seefclacht bei Southwoldsbap, worin die Sollander 7. Juni 1672. unter de Rugter der vereinigten Flotte beider Machte gegenüber lagen. Die frangöfischen Schiffe murben gurudgebrangt, die englischen unter bem Bergog von Bort vermochten bei aller Tapferkeit keinen entscheidenden Sieg zu erfechten. Auf hollandischer Seite fiel ber Abmiral Ghent, der einst die Flotte gegen Chatam geführt hatte, auf englischer ber Abmiral Montague-Sandwich. Aber nicht zur See follte ber Rrieg ausgetragen werben, sondern durch die Landheere. Borgange find une befannt. Auch nachbem ber Bring von Oranien burch die blutige Ratastrophe im Sagg an die Spike bes hollandischen Staats gestellt ward (S. 388.), brang bennoch Karl auf die Fortsetzung des Kriegs. Bu dem 3wed wurde bas Parlament nach zweimaliger Bertagung wieder einberufen. Thronrede sprach von der Rothwendigkeit den Rrieg gegen Solland weiterzuführen und von den guten Birtungen ber Indulgenzerflarung. Die Berfamm. lung, fortgeriffen burch die beredten Borte Afbley Coopers, fürglich jum Lord Rangler und Carl von Shaftesbury erhoben, war nicht abgeneigt für die Fortfegung des Rrieges namhafte Subfidien zu bewilligen, denn die Gifersucht auf die übermuthige Seerepublit mar tief ine Bolt eingedrungen; dagegen meinte fie, eine so wichtige Magregel wie die Toleranzverfündigung, durch welche mehr als vierzig Parlamentsaften aufgehoben wurden, tonne nicht ohne die Buftimmung

der beiden Häuser erlassen werden; die Gewalt von bestehenden Gesehen zu' dispensiren falle nicht unter die Prärogative der Arone, das Dispensationsrecht stehe mit dem Geiste der Berfassung in Widerspruch. Selbst die Presbyterianer billigten diese Auffassung; aus der freudigen Erregung der Katholiken über die königliche Declaration hatte man die wahre Bedeutung der Berordnung erkannt; die protestantischen Dissentes wollten aber nicht die Pforte öffnen helsen, um einer Keligionsform, die sie für antichrisssisch biekten, Eingang zu verschaffen.

Entflehung ber Teftatte.

Der Ronig und fein Cabinet waren über bie Opposition ber Bemeinen febr aufgebracht, denn burch biefelbe war auch die Subfidienbewilligung, die an die Aufhebung ber Indulgeng gefnfibft war, in Frage geftellt; und wie batte man ohne die Unterftugung bes Landes ben Rrieg weiter führen konnen? Es fanden aufregende Berathungen flatt : bie Ginen waren fur die Auflosung; aber tonnten fich bann nicht bie Erscheinungen wieberholen, die einft bas lange Parlament ins Dasein gerufen? Lauberdale und Budingham meinten, man folle gegen die Ungehorsamen militarifche Bulfe aufbieten, Die getreuen Schotten ins Land rufen; aber Rarl ichauberte vor einem folden Gedanten gurud; ber bintige Schatten bes Baters schwebte ihm bor ber Seele. Er fuchte, burch beruhigende Berfpredungen die Gemuther zu gewinnen: er werde nie bas Difpensationsrecht jum Rachtheil ber anglicanischen Rirche ober ber Berfassung gebrauchen : bas Barlament bestand fest auf ber Burudnahme des Indults. Gelbst Shaftesbury, der wie einft Strafford bes Bodyverrathe angetlagt zu werden fürchtete, lentte ein; er erflarte im Saufe der Lords die Declaration für ungefestlich. Da ließ Ludwig XIV. feinem Berbunbeten burch ben frangofischen Gefandten beimlich fagen, er folle fich in die Rothwendigkeit fugen und bie Beendigung bes Rrieges abwarten, bann sei der frangoffiche Bof bereit, ibn zur Unterbrudung der Oppofition mit seiner gangen Rriegemacht zu unterftüten. Und fo wenig Ginn fur die Chre und Unabhangigkeit ber Ration hatte ber Stuart in feiner Bruft, daß er freudig dem Borichlag Gebor gab. Er berief Die Bemeinen in das Oberhaus und hier erklärte er in feierlicher Sigung, im Ronigsornat und die Rrone auf bem Saupte, bag er die Declaration gurudnehme, bag ber ausgesprochene Indult teine Folge haben und man fich nie auf denfelben berufen folle. Diefe Erflärung wurde mit unbeschreiblichem Jubel aufgenommen; man fah am Abend Freudenfeuer in ber Stadt. Aber bem Barlament genugte Die Burudnahme nicht; ber Ronig follte auch verhindert werben, bas Difpenfationsrecht, auf bas er innerlich noch teineswegs verzichtet hatte, jemals wieder zu Bunften ber fatholifchen Recufanten auszunben; "man muffe ber Befahr borbeugen, bon bem Ratholicismus verschlungen zu werden". Rach beftigen, oft leidenschaftlichen Debatten murde in beiden Saufern bie "Teftatte" angenommen, traft beren Alle, welche fich weigern wurden, ben Gib ber Treue und bes foniglichen Supremats au leisten, bas Abendmahl' nach bem Ritus der anglicanischen Rirche zu nehmen und eine Erklärung gegen bas Dogma ber Transsubstantiation zu unterzeichnen,

## III. England unter den zwei letten Stuarts u. Bilbelm III. 479

unfähig fein follten, irgend ein Amt ober eine Militarwurde zu belleiben und in bas Barlament ober in ben Staatsrath gewählt zu werben. Der Ronig bestätigte die Religionsbill, die mit seinen romanistrenden Reigungen in fo schroffem Biberiprud Rand.

In Folge der Leftalte wurden die Katholiten auf handandacht beschränft und von ben Staatsamtern ausgefoloffen. Um bes Princips willen mußten auch bie Presbyterianer und die puritanischen Ronconformiften unter die Strenge des Gesehes fallen. Sie fügten fich in Geduld, damit der gemeinsame Feind unschädlich gemacht wurde, in hoffnung funftiger Erleichterungen, Die man ihnen in Ausficht ftellte. Der leibenschaftlichen Bornrede Cliffords, der im Saufe der Lords die Bill als ein Monftrum horrendum bezeichnete, begegneten bie Semeinen mit der Befcwerde, daß die folechten Rathgeber bes Ronigs die Urheber aller Berwirrung feien. — Der Bergog von Bort, Der bergon von Bort. ber ben Tefteid nicht leiften wollte, fab fich genothigt, feine Stelle als Großadmiral niederzulegen. Bald nachber folog er, da Clarendons Tochter bor zwei Jahren geftorben war, eine zweite Che mit der ihm von Ludwig XIV. empfohlenen jungen Bringeffin Maria bon Modena, deren Mutter eine ber Richten Magarins mar, ein Bund gang in frangofisch-tatholischem Interesse. Run mar fein Glaubenswechsel, der bisber nur wenigen befannt gewesen, offentundig. Dan fab alfo in England, ba der Ronig feine legitimen Rinder hatte, und bon einer Scheidung bon feiner fanften liebebollen Semablin nichts boren wollte, der funftigen Thronbesteigung eines der romifch-tatholifden Rirche eifrig ergebenen Fürften entgegen. Dadurch war eine Unnaberung der Dochfirchlichen und ber Diffenters un Intereffe ber Selbstvertheidigung ein Gebot ber Rothwehr. Die beiben Tochter des Bergogs aus feiner erften Che blieben dem protestantischen Betenntnis treu und vermählten fich in der Folge mit Fürften ihres Glaubens, die altere, Naria, mit Wilhelm III. von Oranien, Anna die jüngere mit einem dänischen Königsohn.

Unter den Gindruden, welche die fatholische Beirath des Thronerben in Eng. Das Barlas land erzeugte, wurde das Parlament wieder eröffnet (27. Det. 1673). An Borts frangofifde Stetle war der Bring Rupert von der Bfalg, an beffen protestantifcher Gefinnung tein Raffenbund. 3meifel obwaltete, jum Großadmiral und Oberbefehlshaber der englisch-frangofiiden Armada ernannt worden. Aber auch er trug in ben Rampfen gegen die hollanbijden Seehelden Tromp und be Runter feine Lorbeern bavon. In einer Seeichlacht unweit des Tegel, worin ber tapfere und erfahrene Flottenführer Comarb 21. Ang. Spragge bas Leben verlor, faben fich am Abend bie Englander nach bein beftigften Rampfe zum Abzug gezienngen. Der frangoftiche Biceabniral Jean d'Eftrees, beffen rechtzeitiger Beiftund bie Bollanber in Rachtheil gebracht haben murbe, hatte fich fern gehalten. Ber ber Abmeigung des englischen Bolles gegen Frantreich mußte Diefes Benehmen ben größten Umvillen erregen. Es erhob fich ber Berdadit, der Graf habe nach ben Befehlen feines Souverans gehandest; Ludwig's Abnat fei, Die beiben Seemachte fich gegenfeitig fowachen gu laffen, bamit bie frangoffiche Marine Die Dberhand erhiefte; benn es liege weber in feinem eigenen noch in dem europäifchen Intereffe, daß England an der hollandischen Rufte feste Plage gewinne und baburch die beiden Seiten bes Ranals in feine Bewalt bringe. Diefe Berfeinumung fant in bem Unterhaufe fcharfen Ausbrud. Auf ben Antrug von Billiam Coventen, ber durch Budinghams Feindschaft aus bem Rathe des

Ronigs gedrängt an die Spige der parlamentarifden Opposition getreten war, murben neue Subfidien behufs bes Rrieges abgelehnt und Friedensunterhandlungen empfohlen. Bugleich wurde über die Politit ber Regierung und über die Rathe des Cabinets bittere Rlage geführt, fo daß der Ronig icon nach einigen Tagen auf den Rath des frangofischen Gesandten Colbert Croiffy die Bertagung aussprach, um ben wiberwärtigen Discussionen ein Ende zu machen.

Der Ronig hoffte auch ohne parlamentarische Bewilligungen die Mittel zum Rrica

Shaftet-

Durboficion, aufzubringen. Er rechnete auf Rriegsbeute und auf frangofifche Gulfsgelber. Die Beamten, welche mit der Opposition gingen, murben eutlassen, unter ihnen ber Lordtangler Shaftesbury. Der scharffictige, ftaatstluge Graf trat nun entschieden auf Die Seite ber nationalen Partei gegen das Cabinet. Es fceint, daß er Runde hatte von dem geheimen Bertragsartifel, die Befehrung des Ronigs betreffend; wenigstens murde pon ber Beit an die Meußerung immer lauter, bei ber Alliang mit Frankreich fei es auf die Berftellung des Papftthums abgesehen, der einzige Beg, das protestantische Clifforde Betenntniß zu erhalten, fei ein Friedensichluß mit Solland. Aber auch Clifford mußte Enbe. aus feinem Amt fcheiden, als ftrenger Ratholit tonnte er ben Tefteid nicht leiften. Dit Schmerz trennte fich der Ronig von dem Manne, in den er das meifte Bertrauen feste. Clifford begab fich auf ein Landgut, wo er bald ftarb. Man fagte, er habe in einem Anfall von Melancholie über den Berluft feiner flaatsmannischen Laufbahn Sand an fich felbft gelegt. Es ging bamals eine fcmule Luft burch bas Infelreich, Die vielfach an die Bergangenheit erinnerte. Man glaubte überall papiftische Complotte mabrgunehmen; die Ratholiten follten ben Plan haben, mit Bulfe Frantreichs und des Thronfolgers einen Staatsftreich zu Gunften ihrer Religion auszuführen; man muffe ben Tefteid noch verschärfen, alle in London feshaften Anhanger bes Papfithums auf gebn Meilen von der Stadt verweisen. Bei biefer Stimmung glaubte Colbert de Croiffp nichts mehr nuben ju tonnen. Er bat um feine Abberufung und rieth feinem Monarchen, ben fruheren Gefandten Rubigny, ber als hugenot meniger verbachtig mar, an feiner Stelle gum Botichafter in London gu ernennen. Raturlich unterblieb nun bie

Das Barlament er llebertrittserklarung Rarls.

Die Hoffnung, auf anderen Begen als durch bas Parlament bie jum awingt ben Rriege erforderlichen Summen aufbringen zu können, ging nicht in Erfüllung; San. 1874. Es war vorauszuseben, daß es zu fturmischen Discussionen tommen murbe: Die Mitglieder der Opposition grollten über die vorausgegangene Bertagung, über Die Entlassung ihrer Parteigenoffen, über die tatholischen Sympathien am Sofe. Um die Bersammlung zu neuen Bewilligungen zu bestimmen, erbot fich ber Ronig. bem Parlamente felbft die Berwaltung der Rriegssubsidien au überlaffen, und schob die Schuld der Friedensverzögerung auf die anmagenden Forderungen ber Sollander. Er konnte aber nicht verhindern, daß das Unterhaus gegen die Ditglieder des Cabalministeriums Rlage erhob und an den Ronig eine Abresse richtete, wonach Lauderbale und Budingham ihrer Aeinter entfest und aus dem Staats. rathe entfernt werden möchten, eine Biederholung des Grundfates der Minifterverantwortlichfeit, gegen den fich die Rrone früher fo eifrig erklart batte. Und um die Gefahr eines Staatsftreiches von bem Lande abzumenden, murbe ber

König aufgefordert, die Truppen, die er bor zehn Jahren in feine Dienste genommen, aufzulösen. Bir wiffen, mit welchem Mißtrauen von ieber die Bartei des nationalen Rechts und Gesetes die militarische Gewalt in ber Sand bes Staatsoberhauptes erblidt batte. Die alten Streitfragen waren wiedergetehrt. Man mußte fuchen die Grenglinien amifchen ber gesetgebenden und ausnbenden Bewalt innerhalb der parlamentarischen Berfaffung und der alten Gesetz zu finden und festzustellen. Bei diefer Lage der Dinge blieb dem Ronig feine Bahl übrig, als unter Bermittelung Spaniens mit Holland Frieden zu fchließen. Die Republik berftand fich zu einer Geldzahlung und tam mit England überein, daß alle mahrend des Krieges von der einen oder der andern Seite gemachten außereuropäischen Eroberungen gurudgegeben werben follten. Bon ber frangofischen Alliang war feine Rede. Doch wußte ber fpanische Gesandte nachträglich einem geheimen Artikel Aufnahme zu verschaffen, traft beffen es keinem der friedenschließenden Theile gestattet fein folle, bem Keinde bes andern Sulfe zu leiften. Schon bamals tauchte ber Bedanke auf, ben Prinzen Bilbelm von Dranien, ben Reffen bes Ronigs, dem gerade damals die Generalstaaten in Anerkennung feiner Berdienste die Bürden eines Statthalters. Generalcapitans und Generaladmirals übertragen und in 1674. seinem Mannstamme für erblich erklärt hatten, durch die Bermählung mit der ältesten Tochter des Herzogs von Vork näher an die Opnastie und an das Reich ju jesseln, im Gegensat zu der tatholischen Thronfolge

#### 3. Der König und die 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Als der Friede mit den Niederlanden gefchloffen wurde, hatte die europäische gord Danbu Politit eine Bandlung genonimen : wir wiffen, bag ber hollandifch-frangofifche bee Din Krieg sich mit der Zeit zu einem europäischen ausgedehnt, daß Spanien, Defter-rufen. reich und das Reich fich mit ber Republit gegen Frankreich verbunden hatten. Im Sinne des Parlaments lag es nun, daß England dieser Coalition beitrete, im Intereffe bes Berfailler Hofes, daß das Inselreich fich wenigstens vom Rampfe fern halte, wenn auch die englische Flotte nicht länger mehr mit der französischen vereint bliebe. Der Gesandte Rubigny unterließ daber tein Mittel, die Spannung zwischen Ronig und Barlament zu scharfen : Er stellte bem Stuart vor, baß es seiner Chre und bem monarchischen Prinzip schade, wenn er fich in seinen politischen Sandlungen bon seinen Standen bestimmen lasse, er muffe zeigen, daß er selbständig nach freiem Ermeffen seinen Weg verfolge; es wurden ihm Andentungen gemacht, daß ber frangofische Monarch burch Gelbunterftützungen ihn gerne in die Lage feten wurde, die Bewilligungen des Unterhauses auf einige Beit entbehren zu können. Diefe Borftellungen blieben nicht ohne Einfluß, Karl behielt die verklagten Minister vorerft noch in seinem Dienste. Doch war er auch wieder zu flug und vorsichtig, als bas er es zu einem völligen Bruch mit ber gefengebenden Gewalt kommen laffen wollte; er wußte recht gut, daß er auf die

Lange ber Sulfe und Mitwirtung bes Parlaments nicht entrathen tonnte, und fuchte einen Mittelmeg au finden, wie er mit ben beiden Saufern austommen möchte, ohne boch der Prarogative der Krone etwas zu vergeben oder in feinem freien Sandeln gehindert ju fein. Das Cabal-Ministerium, bas wegen bes unpatriotischen und frivolen Charaftere feiner meiften Mitglieder im gangen Laude verhaßt war, trat allmäblich vom Schanplat ab. Bie fruber Clifford nahm auch Budingham feinen Abschied und Arlington, wegen feiner tatholischen Gefinnung ohne Salt im Parlamente, mußte gleichfalls aus dem Cabinet icheiden. So blieb von ber alten Genoffenschaft nur noch Lauberdale gurud. Und nm mandte ber Ronig fein Bertrauen einem Manne au, ber fich bisber mit großer Alngheit durch die Parteien zu bewegen gewußt, je nach den Umftanden bald der einen bald der andern fich nabernd und doch fich eine gewiffe Unabhangigkeit bemahrend, bem Großschammeister Thomas Osborn Graf von Danby. Giner ftreng ropalistischen Familie aus Bortsbire angehörend hatte Danby nach ber Restauration in ben Sof- und Regierungefreisen Gingang gefunden und fich bald in die Hohe geschwungen. Er war in Sitte und Lebenswandel nicht beffer als bie andern; er theilte die Leichtfertigkeit, den Egoismus und die Frivolitat der meisten Soflinge und Großbeamten und verftand und ubte die Runft zu bestechen und fich bestechen zu laffen; aber er befaß mehr Ehr- und Rationalgefühl. Als echter Cavalier war auch er bor Allem befliffen, bas Ronigthum zu heben, bie Brarogative der Krone zu mehren, dem monarchischen Brinzip Geltung und Ansehen zu verschaffen, aber er verschmabte die Gulfe des Auslandes, Die frangöfisch-romanisirenden Tendengen maren ihm guwider; ber Abel und die Gentry Altenglands follten als Stugen des Thrones beigezogen werden, die anglicanische Rirche und die beiden Saufer bes Barlaments mit dem Ronigthum in innigen Bunde fteben. Diefen Bund herbeizuführen war nach feiner Meinung die Aufgabe einer nationalen Politik; in den Mitteln war er nicht wählerisch; krumme Bege waren ihm fo lieb als gerabe.

Die Ronrefts fling-Bill.

Bunachft follte ber religiofe Bwiefpalt, die Saupturfache ber Entameiung zwischen Ronig und Parlament beseitigt und bann ber unbedingte Gehorfam auf Grund der anglicanischen Uniformität hergestellt werden. Rachdem er ben Ronig zu einer neuen Declaration gegen Ratholiten und Ronconformisten bewogen, bie mit deffen früheren Berordnungen und mit feinen Sympathien in icharfem Biderspruch ftand, legte Danby den Lords eine Bill vor, nach welcher Riemand ein Amt betleiden oder im Parlamente figen follte, der nicht porber eidlich erklart batte, daß er unter allen Umftanden Biderftand gegen die konigliche Gewalt für ein Berbrechen halte und daß er niemals einen Berfuch machen werde, die Berfaffung in Staat und Rirche zu andern. Rach einem folden Beweis von Treue und hingebung, meinte ber Graf, wurde bann auch ber Ronig fich bereitwillig finden laffen, in der auswärtigen Politit mit ben Lords und Gemeinen Sand in Sand ju geben. Der Autrag erregte einen Sturm bet

# III. England unter den zwei letten Stuarts u. Bilhelm III. 483

Biderspruchs: sollten die Rechte, welche die Peers traft ihrer Geburt in Anspruch nahmen, von einer Sidesleistung abhängig sein? Allein trop aller Proteste und widerlegenden Argumente der weltlichen Lords erreichte der Minister mit Hülfe der Bischöfe seinen Zweck: die Ronrestiting-Bill "die stärkste Manisestation der anglicanisch-ropalistischen Sveck wurde wenn auch mit einigen Beschänkungen und Abschwächungen durchgeführt und damit ausgesprochen, daß anglieanische Rechtgläubigkeit und passiver Gehorsam gegenüber dem König allein das volle Staatsbürgerrecht gewährten. Die Lehre des Philosophen Hobbes von der Allgewalt des Staats vereinigt in der Person des Oberhauptes wurde somit zum politischen Glaubensbekenntniß erhoben.

Die Ronreststing-Bill blieb jedoch nur eine Doctrin; das Unterhaus wurde wieder vertagt, ehe es einen Beschluß fassen konnte. Aber aus den Freunden und Gegnern 9. Inni 1675. des Gesets hat die Scheidung des politischen England in Lories und Whigs ihren Ursprung genommen. Shaftesbury, Budingham und andere siderale Lords verwarfen,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den Presbyterianern die Lehre vom göttlichen Recht der Arone, der man unter keinen Umständen Widerstand leisten durse, und legten Iedem die Beschugniß bei, seine Gerechtsaue, wenn sie angegriffen würden, zu vertheidigen.

Ueber ben innern Fragen war die auswärtige Politit nicht gur Berhand, Stellung gu lung getommen, gur großen Bufriedenheit Rarls. Denn wir wiffen ja, bag auch tigen Politit. nach dem mit Holland abgeschloffenen Frieden englische Truppen unter den Fahnen Frankreichs dienten. Und gerade jest, in den Tagen von Sasbach und Fehrbellin, mußte bem frangofischen Ronig Alles baran gelegen sein, England nicht auf ber Seite ber Feinde zu seben. Der Gesandte Ruviant verdoppelte baher feine diplomatifche Runft, ben Stuart bei bem frangofischen Bandniß festzuhalten. Er wiederholte Die Berficherung, bag fein Berr und Gebieter bereit fei, dem englischen Monarchen eine jahrliche Beifteuer von einer halben Million Louisd'or zu entrichten, fur ben Fall, bag er bem Drangen bes Barlaments burch eine Auflösung entgegentreten mußte. Dem bermochte Rarl II, nicht zu widersteben; wie fehr auch Danby nach der andern Seite jog und die Lösung bes frangofischen Bundniffes, die er dem Reichstage in Ausficht gestellt, zu verwirklichen fuchte; er vermochte ben Ronig nicht umzustimmen und hatte auch nicht Charafter und Consequenz genug, seine amtliche Existenz an die Frage zu fnupfen. So wurde die englische Politit burch perfonliche Intereffen nach berichiebenen Richtungen bin und ber gezerrt; und ale im Oftober bas Barlament fich wieber zu einer neuen Seffion versammelte, nahm die Barteiung einen leiden-Schaftlichen Charafter an. Denn auch von Spanien und ben Rieberlanden maren Gefandte mit vollen Saschen in London erschienen und bersuchten fich in ben Runften ber Bestechung, weniger in ben Regierungefreisen als bei einflugreichen Mitgliedern bes Unterhauses, bei Bauptern und Führern ber parlamentarischen Factionen. Das von Oben gegebene Beispiel der Corruption hatte allenthalben Eingang gefunden; Ranflichkeit war zum berrichenden Lafter des Tages in allen

Schichten ber Gefellschaft geworben. Coalitionen ohne bobere fittliche Zwede fuchten bas Staatsleben zu perfonlichen Bortheilen auszunnten. Als bas Barlament nach beftigen Debatten und Barteiintriquen Die Subsidien fur Die Berftartung der Rriegsmarine in einer Form und mit Bedingungen bewilligte, welche die Regierung nicht annehmen zu tonnen glaubte, griff ber Ronig abermals zu Nov. 1675. dem fo oft versuchten Mittel einer Bertagung und awar einer Bertagung auf fünfzehn Monate. Diefes Berfahren entsprach zwar nicht gang ber mit Ludwig XIV. getroffenen Berabredung; aber eine Prorogation von folder Dauer tam doch fast einer Auflösung gleich; barum machte man auch in Berfailles teine Schwierigkeiten, die versprochenen Jahrgelber an ben Ronig auszugahlen. Dafür blieb England der europäischen Coalition fern und feste durch seine neutrale Saltung im Seetrieg die frangofische Flotte in die Lage, ben spanisch. hollandischen Geschwadern die Spige bieten zu konnen. Es ist uns bekannt, mit welchen Erfolgen die Frangosen in den ficilischen Gewässern die Feinde betampften. Diese Erfolge ber frangofischen Seemacht, benen bas fiegreiche Borgeben ber Landheere noch größere Bedeutung verlieh, verschafften bem Beberricher Frantreichs und seinen gewandten Diplomaten bas Uebergewicht, bas ben Rumweger Frieden zu einer verlornen Schlacht für die Berbundeten machte.

Ronig und

Die ging es an bem englischen Sofe luftiger ber als in den Sahren, da das dof unter geng es un bem engeligen Gofe talinger get uts in ben Sugten, ba bas franzofischem ganze Festland im Kriege lag, bas Inselland allein sich des Friedens erfreute, Ginfus. aber freilich eines Friedens, welcher ber Regierung zur Schande, bem Land aum Aergerniß gereichte. Ludwig XIV. und fein Gefandter forgten bafur, bag ber Stuart fortwährend burch Liebesbande an Frankreich gefnüpft mar. Lange blieb bie Bergogin von Portsmouth die Gebieterin am Sofe; fie mußte burch ihre Bubltunfte, durch ihre Unterhaltungegabe, durch ihre frangofifche Grazie fich in ber Gunft des Ronigs zu behaupten, ihr Sohn erhielt ben Ramen eines Bergogs bon Richmond. Ihre Rebenbuhlerin Lady Caftlemain, zur Berzogin von Cleveland erhoben, mußte ihr bas Gelb raumen; fie manberte mit ihren beiben Sohnen nach Frankreich aus. Aber wie fehr immer die frangofische Datreffe, die wegen ibres fatholischen Eifers bei bein Bolte wenig beliebt mar, ben Konig mit eiferfüchtigen Bliden überwachte; fie konnte nicht verhindern, daß er nicht noch anbere icone Damen in fein minnereiches Berg einschloß: Die beliebte Schauspielerin Relly Gwyn gebar ibm zwei Gobne; aber eine viel gefährlichere Rivalin langte im Jahr 1676 in London an, es war die icone Richte bes Cardinals Mazarin, auf welche Rarl ichon in der Berbannungszeit feine Blide gerichtet batte. Benig gufrieden mit ihrem Mann, "ber ihr zubiel in geiftlichen Anwandlungen lebte", reifte fie jum Befuch ihrer Berwandten, ber jungen Bergogin bon Bort nach England, mo fie durch ihr geiftreiches Befen, durch ihre literarif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Bildung wie durch ihre noch nicht ganz verblühte Schonheit bald eine bervorragende Rolle in den Hofcirteln fpielte. Bie konnte der Ginfluß und die höfische Luft Frankreichs sorgfältiger unterhalten und gepflegt werden als

durch folche Bermittler! Beide Ronige verpflichteten fich, mit feinem dritten Staat in Berbindung zu treten ohne die Ginwilligung bes andern. Als Danby und Lauberdale Bedenken trugen, ben Tractat zu unterzeichnen, aus Furcht vor der Möglichkeit einer tunftigen Bochverratheanklage, fcrieb ihn der Ronig eigenbandig ab und fügte Unterschrift und Siegel bei.

Und dennoch trat die Opposition, als das Parlament wieder zusammentam, mit Der Konig und bie beis großer Maßigung gegen die Regierung in die Schranten. Rarl hatte gang ftaateflug ben Gaufer. gehandelt, als er teine Auflosung verhangte. Es waren ja noch immer die getreuen Bebr. 1677. royaliftifchen Ranner, die Cavaliere der Restauration, welche die Sige füllten. Budem hatte die frangofifche Regierung eine Berordnung ergeben laffen, welche die englischen Sandelsfdiffe febr bevoraugte. Bas aber vor Allem den Biberftand gegen die Regierung lahmte, war eine Brinzipienfrage, durch welche die Mehrzahl der Gemeinen auf die Seite der Regierung gezogen mard. Die Führer der Opposition bei ben Lords, Budingham, Shaftesbury, Salisbury und Bharton, erhoben Ginfprache gegen die Gultigfeit des Unterhauses: die lange Bertagung fei einer Auflosung gleich ju achten, durch ein altes Statut Couards III. feien jahrlich Barlamente vorgefdrieben. Darin erblickten die Gemeinen eine Beleidigung : fie erhoben Rlage gegen die vier Lords und bewirften, daß fie in den Lower abgeführt murden. Diefem Bunde der Mehrheit des Unterhaufes mit der Regierung war es ju banten, daß eine namhafte Geldfumme fur die Erhaltung und Berftartung ber Rriegsflotte bewilligt warb. Damit mar Rarl gufrieden; als bas Barlament den Antrag ftellte, er möchte in die europäifche Alliang wider Frankreich eintreten, erfolgte eine neue Bertagung. Der Ronig nahm es übel, daß fich die Gefet April 1877. gebung in ben Bang ber Bolitit, in die Berwaltung der auswärtigen Ungelegenheiten mischen wolle.

Aber follte Rarl II. wirklich noch langer b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jum Das Bunb: Tros die Eroberungsplane Ludwigs XIV. unterstüßen? Er selbst hatte bereits Frankreich die Folgen erwogen, wenn die fpanischen Riederlande in Frankreich einverleibt werden follten. Sir Billiam Temple, ber um diese Beit wieder mehr Geltung bei Sofe fand, suchte eine Berftandigung mit Solland im Sinne ber früheren Triplealliang herbeiguführen. Gerade damals wurde mahrend einer Anwesenheit Bilhelms von Oranien in London die Bermahlung mit des Königs Nichte Maria Sept. 1677. beschloffen, jum großen Berdruß des frangofischen Monarchen. Dies erhöhte bas Anseben Temple's, ber bas Chebundniß vorzugsweise betrieben hatte, und erleich terte den Abichluß eines Uebereinkommens zwischen dem Stuart und dem Dranier. Sie verabredeten die Grundbedingungen, unter benen ein allgemeiner Friede Bu Stande gebracht werden follte. Schon am 10. Sanuar 1678 wurde barauf 10. 3an. bon ben Bevollmächtigten beiber Staaten ber obenermähnte Allianzvertrag abgeichloffen (S. 397.), durch welchen fich England und Solland verpflichteten, gemeinschaftlich für die Pacification Europa's zu wirten. Die englischen Truppen, die noch bei den französischen Heeren standen, wurden nunmehr abberufen, und Rarl überraschte bas Barlament, als es nach Ablauf ber Brorogation wieber jufammentrat, mit ber froben Botichaft, daß das Bundnig mit Frankreich acloft fei und bag er die Berftellung bes Friedens felbst mit Gewalt der Baffen

au bewirken beschloffen habe. Mit großer Freude wurde diese Rachricht aufgenommen. Bereitwillig ftimmte bas Barlament bem Untrag bei, ben Ronig burch Bewilligung einer Million Bf. St., welche burch eine allgemeine Ropffteuer aufgebracht werden follte, in Stand au feten, den Rrieg gegen Frankreich au Land und zur See in Angriff zu nehmen. Bir miffen, baf fofort englische Befatungs. truppen nach Oftenbe und Brugge gesandt murben, lauter bemährte Mannschaften.

Ludwig XIV. war über biefen Abfall feines Allitrten fo ergrimmt, bag er den legten Termin ber jugefagten Subfidien jurudhielt. Er verwendete lieber bas Geld jur Bestedung einflugreicher Barlamentsglieder, um die Opposition gegen den Ronig, in beffen Aufrichtigleit Riemand Bertrauen batte, lebendig zu erhalten. Die Bemuhungen bes frangofischen Gefandten Barrillon und bes jungeren Auvigny trugen ihre Fruchte; Die Corruption griff immer weiter um fic. Db es bem Stuart ein rechter Ernft mit bem Rrieg gegen Frankreich mar, oder ob er die vermehrte Militarmacht zur Startung seiner Autorität im Innern zu verwenden gedachte, tam nie kar zu Tage. Es ift und bekannt, bas bald darauf die Staaten von Holland einen Sonderfrieden mit Ludwig XIV. foloffen, der dann den allgemeinen Frieden von Rymwegen gur Folge hatte. (S. 397.). So lange Diefe Dinge in der Schwebe waren, tonnte von Rarl die Entlaffung der Eruppen, auf welche die frangofischen Barteiganger wie die Saupter der nationalen Opposition eifrig brangen, mit guten Grunden verweigert werden. Die Beforgniß, England möchte bei einer Erneuerung bes Rriegs bie Reiben der Allierten verftarten, bat mefentlich beigetragen, daß die Franzofen ihre Forderungen nicht noch höher ftellten und baburch ben Abichluß bes Friedens ermöglichten.

Bapiftifche

Bahrend diefer ungewiffen Beitlage waren die Gemuther in großer Aufregung. Mißtrauen, Unrube, Beangstigung burchzog bie ganze Nation: wird bie frangofisch-tatholische Sache ober bie hollandisch-protestantische im Rath bes Ronigs die Oberhand behalten? Diefe Stimmung wurde burch Geruchte von papiftischen Complotten ber verruchtesten Art zu einer unheimlichen Sohr gesteigert. Wenn die Seele von bangen Erwartungen, von unklaren Gefühlen erfüllt ift, entstehen auf ihrem Grunde leicht schwankende Borftellungen und Gebilbe, die bann, weil fie in ber herrschenden Gemutheverfaffung einen Anhalt finden, mehr und mehr Gestalt gewinnen, niehr und mehr aus ber bunteln Region ber Ahnungen und Befürchtungen in das Gebiet bes Birklichen und Bahren eintreten. So erging es bei ber Berfdwörungsgeschichte, bie im 3. 1678 wie ein gundender Funte in eine brennbare Materie fiel, ein kleiner Bestandtheil von Babrheit, ber mit Luge verset und durch Gerüchte aufgeblaht zu einer Schred. geftalt, ju einem Gewebe ber berruchteften Plane anwuchs. Gines Tages, als ber Ronig im St. James Part fpazieren ging, trat ein alter Bekannter, Ramens Rirtby an ihn heran und fagte ihm, er moge fich gurudziehen, fein Beben fei in Befahr. Rach dem Schloß beschieden und um nabere Auskunft befragt, berichtete er, daß ein Londoner Geiftlicher von puritanischer Richtung, Egrael Tonque ibm Mittbeilungen von einem papistischen Anschlag auf das Leben des Ronigs ge-

Titus Dates. macht habe; ein gewiffer Titus Dates tonne bavon Beugniß geben und Beweis-

ftude borlegen. Diefer Gewährsmann mar eine febr zweideutige Berfonlichfeit von befcoltenem Lebenswandel, dem Luge und falfches Beugniß nicht viel Rummer machten. Aus ber englischen Rirche wegen abweichender Lehrmeinungen ausgefchloffen, hatte er ein unftetes und fittenloses Leben geführt. Sich für einen Ratholiten ausgebend batte er Eingang in ben alten jesuitischen Seminarien bes Continents gefunden. Dier wollte er nun viele feindselige Reben und Borichlage gebort haben: es fei eine berbienftliche Sandlung, einen Ronig, ber mit bem leterischen Solland fich gegen bas tatholische Frankreich verbunden, aus ber Belt zu fchaffen. Unter feinem Rachfolger, ber ein treuer Sohn ihrer Rirche geworben, muffe man bann alle Bebel einsegen, bas englisch-schottische Ronigreich wieder bem Bapfithum auauführen. Er wies Briefe bor, Die in biefem Sinne an Jefuiten in Englund geschrieben und ihm zur Beforgung anvertraut worden, die er aber unterschlagen habe. Dates wollte wiffen, in einer Berfammlung einbeimischer und frember Jesuiten in London fei beschloffen worben, ben Ronig au ermorben, in Schottland und England Aufftanbe ju erregen, Die frangofifche Motte in einem irifchen Bafen aufzunehmen; verlappte Eniffare feien im gangen Lande für biefen Umfturgplan thatig. Das englische Bolf, bas bie Mordverjuche gegen Elifabeth und bie Bulververschwörung im Gebächtnik batte, bas ber feften Uebergeugung mar, ber Stadtbrand fei burch bie Miffethat ber Papiften berbeigeführt worben, begte nicht ben geringsten Zweifel, daß die Angaben mabr feien. Und auch die weiteren Ausfagen von Mord- und Berichwörmasplanen. die fich berahoch anbauften und ans Abenteuerliche streiften, fanden bei der aufgeregten Bevolterung Glauben. Bei der confessionellen Erregung, Die mabrend des Untersuchungsprocesses immer mehr angefacht wurde, befestigte fich die Unficht, daß Reich und Religion durch papiftische Umtriebe und Complotte im Innern und von Augen in der bochften Gefahr fcmebten. Coleman, ber tatholifche Secretar ber Bergogin von Bort, wurde von Dates ber Mittviffenschaft an ben Umsturaplanen bezichtigt: man ordnete eine Saussuchung an und fand mehrere Briefe, welche die Ungabe zu bestätigen ichienen, obicon fie nur die zuverfichtliche hoffnung anssprachen, bag mit Bulfe Frantreichs und bes Thronfolgers England wieder ber tatholifden Rirche zugeführt werden wurde. Bu Dates gefellten fich noch andere Schwindler, wie Bebloe und Carffairs: burch Entstellungen und lugenhafte Uebertreibungen nahmen die Enthullungen immer größere Dimennonen an. Gerne batte Ronig Rarl, ber nicht furchtfamer Ratur mar, Die Sache niedergeschlagen, aber bie Gahrung war ju groß und allgemein. Ein bei ber Untersuchung betheiligter Friedensrichter war verschwunden ; nach langem Suchen fand man feine Leiche auf einem Felde bei London; nun fchien die Bahrhaftigfeit der Anzeigen über jeden Bweifel gestellt. Die Beerdigung gestaltete fich au einer großartigen brotestantischen Manifestation. Ber noch Diftrauen außerte galt als Mitfculdiger. Coleman und drei Sefuiten ftarben auf dem Blutgerufte; bald folgten andere.

Antilatholi-Es war natürlich, daß diese Gemuthsbewegung auch in dem Parlamente ider Terros rismus. fich tund gab, das der König im Oktober eröffnete. Die Thronrede gedachte in 1678 wenig Borten der Berschwörungsgeschichte, beren mahre Beschaffenheit durch die ordentlichen Gerichte bald an den Tag gebracht werden wurde. Aber wie batte fich die Berfaminlung damit aufrieden geben follen! Bald wurden Repreffinmaßregeln von großer Eragweite beantragt. Alle Ratholiten follten vom Bofe und von der Hauptstadt verwiesen werden, mit Ausnahme ber Angeseffenen und Familienvater, welche ben Gib ber Treue und bes Supremats leiften wurden; ber Ronig ward ersucht, in seiner Leibgarde, in Ruche und Reller nur zuverlaffige rechtglaubige Leute zu berwenden; aus beiden Saufern follten alle Ratholiten ausgeschloffen werden. Fünf Lords, welche Tonque und Dates bei einer Bernehmung im Unterhause bes Ginverständnisses mit dem jesuitischen Complot beschuldigten, wurden in den Tower abgeführt. Bor Richtern und Geschwornen, die unter den Ginfluffen bes Tages, unter dem Druck der popularen Gereiztheit und tumultuarischen Auftritte ftanden, wurde nun di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Complot fortgefest in einer fo parteiischen Beise, unter fo gehäffigen Boraussetzungen, daß die Sauptstadt wie im Rriegszustand erschien : die Straßen wurden gesperrt, Ranonen vor Whitehall aufgeführt, die Bürgermilige mit Freiwilligen berftartt, unter die Baffen gerufen, Saussuchungen und Berhaftungen nahmen tein Ende, die Gefängniffe füllten fich mit Berbachtigen; Befenntniffe murden mit Foltern erpreßt, bartnadige Leugner unter Martern hingerichtet. Die Ausfagen eines Dates und feiner Genoffen, die fammtlich eine bescholtene zweidentige Bergangenheit hinter fich batten, vermochten tatholische Beistliche und Laien, benen man außer ihrem Bekenntniß teinen Borwurf machen tonnte, als Theilnehmer bes papistischen Complots in ben Rerter und auf das Schaffot zu bringen. Unter ber Macht ber religiösen Befürchtungen wurde ber gerichtliche Terrorismus von ber Nation gebulbet, gebilligt, geforbert. In berfelben Richtung bewegten fich auch die Berhandlungen im Parlament. Die Männer ber Opposition in dem einen wie in dem andern Sause suchten die im Lande herrschende religiofe Erregung zu benuten, um ihre Gegner aus bem Rathe bes Ronigs zu entfernen.

Shaftes Bom nationalen Gefichtspuntte aus connte man co nut olangen, burb u. feine Benoffen. burb, der Führer der anglicanisch-patriotischen Partei und feine Freunde dahin trache Genoffen. burb, der Führer der anglicanisch-patriotischen pur ftellen. Gefete zu finden, durch welche augleich das Erbrecht der Rrone und die Staatsreligion gewahrt wurden; aber mit Diefen vaterlandischen 3meden und Bestrebungen waren fo viele perfonliche Motive, fo viele Parteileidenschaften, Factionsintereffen und Corruptionen verbunden, daß man nur mit Biderwillen auf bas unsittliche Treiben, auf bas Gewebe von Intriquen und unlauteren Motiven bliden tann und es gang natürlich finden muß, daß schließlich ber Ronig als Sieger aus bem unredlichen Spiel hervorging. Benn die mit bem chen fo ehrgeizigen und felbstfüchtigen als geistvollen und ftaatstlugen Grafen verbundenen Lords und ihre Gefinnungsgenoffen unter den Gemeinen barnach trachteten, Die Ratholiten und ihr Saupt, ben Bergog bon Bort bom Bofe und bon der Regierung ju ber

brangen und fie zu verhindern, Religion und Landesverfassung zu gefährden; so suchten sie zugleich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der Politik Frankreichs, dem König die Berfügung über die Armee zu entziehen, sie in der Meinung, dadurch einen militärischen Gewaltsstreich im Innern unmöglich zu machen, der französische Gesandte in der Absicht, die Bereinigung der englisch-hollandischen Armee gegen Ludwig XIV. zu verhindern.

Der Ronig und die Regierung magten es nicht, der antitatholischen Stromung fich galtung bes ju widerfegen. Im Bewußtfein, durch fein eigenes Betragen und Berfculben ju bem Mistrauen des Boltes Beranlaffung und Grunde gegeben ju haben und jeder fittlichen Unstrengung fremd, ließ es Rarl geschen, daß das Complot, obwohl er von deffen Unmabrheit, bon ber Entstellung, Uebertreibung und Falfcheit der borgebrachten Thatfachen innerlich überzeugt mar, ju Bmangemaßregeln gegen die Betenner der romifch-tatholis iden Rirche gebraucht mard. Auf ben Antrag der Lorde, alle Papiften bom gof und von der Regierung zu entfernen, bermochte der Ronig feinen Bruder, daß er aus freien Studen aus den Sigungen des Staatsraths megblieb. Er ließ es gefcheben, daß bie Teftatte eine frengere Faffung erhielt, so daß alle Ratholiten von dem Parlamente ausgefoloffen murden, worauf die tatholifchen Lords freiwillig austraten; nur mit einer fleinen Majoritat murbe ju Gunften des Bergogs von Bort eine Ausnahme gemacht; er ließ die Sinkerkerungen, Berfolgungen, Berweifungen aller der Theilnahme an dem Complot beschuldigten oder berdachtigen Bersonen bor fich geben. Erft als der Lord-Schapmeifter Danby, obwohl ein abgefagter Feind ber Papiften und jugleich ein eifriger Berfechter der toniglichen Brarogative und des bestehenden Erbrechts, durch die Rabalen Barrillon's und des englifchen Gefandten in Paris, Ralph Montague verratherischer Plane und Sandlungen beschuldigt und mit einer Sochverratheflage bedroht mard, glaubte Rarl einschreiten zu muffen. Danby follte an dem Ansuchen des Konigs bei Ludwig XIV. um eine neue Geldfumme betheiligt gemefen fein. Aus Rudficht fur die Chre feines Couverans hielt Danby mit ber Darlegung bes mahren Sachverhaltes jurud und fo fam es, daß der heftigfte Gegner Frankreichs als Parteiganger des Berfailler Gofes und des Bapftthums bargeftellt werden tonnte.

Diefes feindselige Auftreten gegen ben ersten Minister, von beffen Loyalitat Muftofung und hingebung Rarl fo viele Beweise hatte, und das Bestreben der beiden Saufer, mente. ihm die Militärgewalt aus den Sanden zu winden und eine von feinem Billen unabhangige Landmilig ine Beben gu rufen, riß endlich ben Stuart aus feiner passiben und nachgiebigen Haltung gegenüber einer Opposition, die mit ber icheinbaren oder aufrichtigen Fürforge für die Berfaffung und Religion bes Landes zugleich Sympathieen fur Frankreich verband, Die fich burch Rabalen, durch Corruptions. und Berführungstünfte als Berkzeuge bes frangofischen Rachthabers gebrauchen ließ, um wie sie wähnte bas Baterland vor Complotten und Staatsstreichen zu retten. Das Parlament, bas vor achtzehn Jahren mit ropalistischem Feuereifer fur die Bieberberftellung ber Prarogative bes Ronigs eingetreten mar, das bann allmählich durch das ehrlose, selbstfüchtige und unredliche Regiment Rarls II. und feines Cabinets gur Befampfung ber fouveranen Bewalt der Rrone und zur Bertheibigung der altenglischen Berfassung und Landestirche gegen unpatriotische Minister fortgetrieben worden, wurde gu Anfang bes Jahres 1679 aufgeloft. Drei Errungenschaften, die fortan als 24. 3an. Fundamentalfate des englischen Staatsbaues angesehen wurden: ein in bestimmten Rechtsbegranzungen sich bewegendes Königthum, eine den parlamentarifden Gewalten gegenüber zur Berantwortlichfeit verpflichtete Regierung und eine antipapftliche auf ber bischöflichen Uniformitat beruhende Staatefirche, tonnen als die Früchte ber gesetgeberischen Thatigfeit feit der Restauration bezeichnet werden. Aber ebe diese Früchte in Sicherheit gebracht werden tonnten, niußten noch manche Sturme abgewehrt werden. Die Abhangigkeit der Rrone von den Geldbewilligungen bes Parlaments, die ministerielle Berantwortlich feit und die Befchrantung des absoluten Erbfolgerechts durch confessionelle Bestimmungen ftanden mit dem Benius ber Beit und mit ben Stuartichen Anschauungen in ju grellem Biberfpruch, als daß nicht bon Seiten bes Ronigthums Berfuche ju beren Beseitigung hatten gemacht werben follen.

## 4. Aufgeregtes Staatsleben. Whigs und Tories.

Die Dppofi=

Seit den aufgeregten Tagen, da man jum langen Parlament gewählt, war tion gegen Bort und in England tein folder Gifer für die Bahlen zu Tage getreten, wie im Februar bes Jahres 1679. Man wendete hohe Summen auf; man theilte die ebemaligen Ritterleben, die im erften Jahr nach der Restauration in freie Erbains. guter ohne Rriegspflicht und Lehnslaften verwandelt worden waren, um Die Stimmen zu vermehren : Rlugschriften suchten auf die öffentliche Deinung einzuwirken. Die Folge mar, daß die Manner ber Opposition, die Rarl II. fur ihren Abfall von der alten Lopalitat hatte bestrafen wollen, abermals in Beftminfter erschienen, verstärtt mit vielen neuen Gefinnungegenoffen. Als die wich tigfte Aufgabe fcwebte ben beiben Baufern bie Sicherstellung ber Landestirche und die Festsetzung der Grenglinie amischen ber gesetzgebenden und ausführenden Gewalt vor Augen; ihre Angriffe waren baber vor Allem gegen die beiden Berfonen gerichtet, von benen man fur biefe Grundrechte Gefahr fürchtete, gegen den Bergog von Bort und den gum Marquis erhobenen Minifter Danby, amei Männer, die dem Ronig besonders nabe ftanden. Um das Erbfolgerecht des Bruders zu retten und ben Großschahmeister von ber ihm brobenden Gefahr einer Hochverrathetlage zu befreien, mar Rarl zu großen Concessionen bereit. Als bie vaterlichen Ermahnungen bes Erzbischofs und bes greifen Bischofs von Binchefter an den Bergog, gurudzukehren zu bem Glauben feiner Jugend, fruchtlos blieben, ber bon feinem Beichtvater und feiner ftrengkatholischen italienischen Gemablin geleitete Stuart vielmehr einen folden Gebanken mit großer Entschiedenheit verwarf, ertheilte ihm ber Ronig die Beifung, fich nach Brüffel zu begeben, eine Art Berbannung, die wie er hoffte, den Gifer der Opposition ein wenig abfühlen follte. Bugleich gab er dem Lordmapor und den Albermen Rachricht, daß er die Truppen entlaffen werbe, und suchte bas Parlament burch bie Erflarung ju beichwichtigen, daß Lord Danby bas Schatzmeisteramt nur bis zu bem Beitpunft permalten folle, bis alle Beschäfte in Ordnung gebracht feien. Die Eröffnungs.

## III. England unter ben zwei letten Stuarts u. Bilhelm III. 491

reden des Rönigs und des Lordfanglers Bind betonten mit besonderem Nachdrud, 16. Marg daß die Regierung entschlossen sei, allen papiftischen Tendenzen entgegenzutreten. Aber die nationale Bartei unter ben Lords und die Manner der Opposition im Unterhause, an ihrer Spige Billiam Ruffel, Sohn des Carl von Bedford, standen von ihrem Borhaben nicht ab. Obwohl der König durch ein eigenes Sandschreiben ben Minifter von aller Schuld losgesprochen hatte, murbe er boch wie einst Strafford von den Gemeinen wegen Berrathe in einer Bill of Attainder angeklagt. Danby bertheibigte fich vor ben Lords und es gelang ihm auch fich in fo weit zu rechtfertigen, daß er dem blutigen Schicffale Straffords entging; aber ftraflos follte er trop des toniglichen Begnadigungsbriefes nicht bleiben: er verlor fein Amt und mußte fünf Jahre im Cower fiten.

In diefer fritifden Lage nahm Rarl II. feine Buflucht gu Billiam Temple, der Billiam in den Tagen der Rauslichkeit und der Rabalen fich allein rein und unbestedt von den Laftern bas neue Reder Beit gehalten und fich in allen Berhaltniffen als einen bentenden und unterrichteten gierungs-Staatsmann bewährt hatte. Diefer übernahm die Leitung ber Regierung; um aber den Conflitt zwifden ber vollziehenden Sewalt und der Gefetgebung auszugleichen und für die Butunft zu bermeiden, befolog er zwifden ben Souveran und das Parlament eine Rorpericaft einzuschieben, welche fraftig genug mare, die Bewalt ihres Bufammenfloges zu brechen, und geeignet die Ration gegen ben Migbrauch ber toniglichen Brarogative, die Rrone gegen die Uebergriffe bes Parlaments ju fcugen. Diefe Rorperfcaft follte ein erweiterter Staatsrath fein, in welchem neben ben hoben Beamten, Rechtsgelehrten und Bifchofen, welche bisher ben gebeimen Rath gebilbet hatten, eine gleiche Angabl unabhängiger burch Reichthum und Unfeben hervorragenber Mitglieder der beiden Saufer des Parlaments Sit und Stimme haben follte. Die Bahl fammitlicher Rathe murbe auf dreißig festgeset, funfzehn von jeder Seite. Der Ronig ging auf den Borfclag ein und gewann es über fich, Manner der Opposition, die bisher wider ihn gewesen waren, wie Ruffel, Cavendifh, Powle bon ben Gemeinen, wie Chaftesbury und Salifag bon ben Lords jur Theilnahme an ber Regierung felbft ju berufen. Dem geiftreichen und gewandten Grafen von Shaftesbury wurde der Borfit übertragen. Aber fo fcarffinnig ber Organisationsplan ersonnen war; er erwies fich bald als ein Bert ber Doctrin. Die neue Behorde halb Cabinet, halb Parlament follte zwei verschiedenen 3meden bienen und erreichte teinen gang. Da es unmöglich war die Staatsgeschafte, die gebeim bleiben follten, mit einer Rorperschaft von breißig Mitgliedern zu behandeln, fo mußte fich bald wieder ein engeres Cabinet bilden, in welchem der Ronig mit den geeignetsten Rathen die wichtigsten Angelegenheiten beforgte. Bu diefem engeren Rreife gehörten außer Lord Temple felbst noch brei burch Rang, Bildung und Reichthum berborragende Manner: Arthur Capel, Carl of Effer, Georg Saville, Biscount Galifag und Robert Spencer, Carl of Sunderland. Um langsten wehrte fich ber Ronig gegen die Aufnahme von Salifax, beffen fcarfe Bunge ihm bisber Galifax. so manchen Berdruß gemacht hatte; aber als einmal ber geniale wisige Mann mit dem freien philosophischen Seifte und der gedankenreichen Rede Butritt bei Bofe erlangt hatte, erwarb er fich rasch die volle Gunft des Monarchen. Und Salifag war nicht uneinpfanglich fur die Gnaden und Guter, welche die Rrone ju fpenden vermag : er wandte fich von ber Opposition, in ber er bisber burch feine reichen Salente geglangt hatte, ju der Regierungspartet und fuchte ber legitimen Gewalt bas gelb ju erobern. Bon dem Staatsfecretar Sunderland, der fich in einer Diplomatenfoule bewegt hatte, Gunberland,

die gewandt und gefdmeidig machte, aber bas Gefühl fur Sittlichkeit, Bahrhaftigfeit und Tugend abstumpfte, fagt Macaulay, daß die Ratur ihm einen icharfen Berftand, einen rubelofen und boshaften Charafter, ein taltes Berg und eine verworfene Seele gegeben babe. Meifter in der Intrique und in der Runft der Berführung, aber obn: höhere politifche Begabung und ohne Grundfage, hat er bor Allen beigetragen, das das neue Cabinet bald jegliches Bertrauen bei der Ration verlor.

Der Rampf

Richts lag dem Rönig mehr am Bergen als die Sicherstellung der Erbfolge; Erbfolge. fie galt ihm als das heiligfte Fundamentalgefet des monarchischen Staats. Beruhte benn nicht sein eigenes Thronrecht auf bem Prinzip ber organischen Berbindung der Opnastie mit der Nation? Er hatte dem Bruder vor feiner Abreije nach Bruffel das feierliche Berfprechen gegeben, daß er niemals in eine Menderung dieser geheiligten Ordnung willigen werde. Und um auch das Parlament bafür au gewinnen, mar er bereit, bemfelben ausreichende Garantien gu bieten, bag bie Religion und die Berfaffung des Landes teine Gefahr laufen follte, wenn das Staatsoberhaupt einer andern Confession angehore. Demgemäß ließ er burch ben Lordfangler den beiden Baufern Bermittelungsvorschlage unterbreiten, fraft beren ber anglicanisch-parlamentarische Charafter ber Berfaffung gewahrt, Die Ausschließung der Ratholiten bon der Regierung, bon ben Gerichten und bom Barlament gefetlich ausgesprochen, Die Anstellung der Bischöfe und Geiftlichen ber Mitwirkung eines katholischen Ronias entzogen, bei einem Ehronwechsel bie Gemeinen und Lords vor willfürlicher Auflojung geschütt sein follten. einer Andeutung des Lordfanzlers tonnte man folgern, daß felbst bei Ernennung ber Anführer der Landarmee die parlamentarische Buftimmung eingeholt werde. Bas einst Rarl I. nicht zugestehen wollte, murbe nun von dem Sohne freiwillig angeboten, damit bas Erbfolgerecht nicht angetaftet wurde. Aber die Oppofition ließ fich auf tein Abtommen ein. Ber burgt une benn bafur, murbe gefragt, daß ber Bergog, einmal gur Macht gelangt, ben Batt bes Borgangers, ber fo tief in die Berfaffung eingreift und fo fehr mit feinen religiofen Unfichten im Biderspruch steht, als rechtsgültig anerkennen werde? Bei ben Lords mar Shafe tesbury, bei ben Commons Ruffel ber Führer ber patriotifden Partei; ibre Stellung als Prafibent und als Mitglied bes erweiterten Staatsrathe bielt fie nicht ab, fich jedem Bergleich ju widerfegen. Gegen die Rache des fanatischen Bergogs fcuge tein Bertrag, murbe geaußert, bas beiße Simfon mit Beibenruthen binben wollen; wurde er Ronig, so muffe man fich gefaßt machen, entweber Bapift au werden oder verbrannt. Es fehlte nicht an Stimmen, welche vor ber Abanberung eines Fundamental-Prinzips der englischen Constitution warnten: im Oberhaufe vermochte baber auch Shaftesbury mit feinem Antrag nicht burch-Im Unterhause dagegen hatten die antipapistischen Impulse dat Uebergewicht. Die Commons stellten bem Sat auf, "bie bem Barlamente beiwohnende constitutive Gewalt sei unbeschrantt, fie erftrede fich über alle Gegenftande des Staatswohls, mithin auch auf die Thronfolge, und fei an feine

Grundgesetze gebunden". Die Bill zur Ausschließung bes Bergogs von Bort von der imperialen Krone Englands murbe mit großer Majoritat angenommen. 22. Dai Benn eine Thronerledigung eintrete, follte die Rrone, als ob der Bergog todt mare, an die gunachft berechtigte Berfon protestantischen Betenntniffes fallen.

Ran fagte. Shaftesburd habe dem naturlichen Sohn des Ronias, dem Bergog Monmouth. ben Donmouth, die Rachfolge verschaffen wollen, um dann felbft das Regiment ju führen. Bie zweifelhaft immer die Baterfchaft Rarls erscheinen mochte, da die fcone Balliferin Luch Balters, die dem Stuart mabrend feiner Berbannung im Baag einen knaben schenkte, viele Liebhaber hatte und gegen keinen grausam war; so erfreute sich dech der Keine James Crofts, wie er genannt ward, von Jugend auf der zärklichsten Surjorge und Begunftigung von Seiten des Ronigs. Er vermablte ihn mit der Erbtochter des edlen Saufes von Buccleuch, wodurch berfelbe einer der reichften Gutsbefiger in Schottland mard; er gab ihm ben Titel eines Bergogs von Monmouth, ernannte ihn jum Befehlshaber der Truppen im frangofifch-hollandifchen Rrieg und nahm ihn jest auf Shaftesburys Borfchlag in ben Staatsrath auf. Gin junger Mann von fconer Ceftalt und einnehmendem Befen, der fich im Felde tapfer gehalten und stets als guten Frotestanten gezeigt hatte, war Monmouth bei bem englischen Bolke beliebt; seine Rudfehr nach London war mit Freudenfesten gefeiert worden; Alles war entzudt über den freundlichen leutseligen herrn, man fand sogar Gründe, seinen dissoluten Lebenswandel zu entschuldigen. Bar er boch barin nicht fclimmer als die meiften feiner Britgenoffen in den hoberen Rreifen. Allein wie fehr immer die Liebe Rarls auf diefem Sohne ruhte, nie wollte er einwilligen, daß das Erbrecht zu deffen Gunften verändert mūrde.

Die Ausschließungsbill sette ben König in große Aufregung, er prorogirte Die Sabeasjosort die Berfammlung und verfügte dann die Auflösung. Die lette Handlung 2781679. ber beiben Baufer vor ihrem Auseinandergeben mar die Annahme ber Babeas. corpus. Afte, bes wichtigften Ballabiums ber perfonlichen Freiheit ber Eng. lander bis auf den heutigen Tag. Der König, im Begriff fich noch einmal an die Ration zu wenden, ertheilte der Afte die Bestätigung, um durch eine populäre Dagregel den schlimmen Einbruck zu verwischen, den die so häufige Anwendung der Prarogative gegen die gesetzgebende Gewalt hervorbringen mußte. Rach diesem Statut, das in Bukunft jede willkurliche Berhaftung undziede Juftiztprannei verbuten follte, darf Riemand in Saft gebracht werden, ohne daß ein schriftlicher Befehl ber Beborbe die Grunde ber Berhaftung angibt; auch foll ber Gefangene imerhalb einer bestimmten Frift, in der Regel drei Tage, vor Gericht gestellt und in fein Gefängniß außerhalb seiner Graffchaft gebracht werden; dabei find bie Balle, wo die Loslaffung gegen Bürgschaft einzutreten habe, genau beftimmit.

Die Habeascorpus-Afte follte ihre wohlthätigen Wirkungen erst in der Folge Papiftenverzeigen: in dem Augenblick ihrer Entstehung lag noch Alles unter Angst und Schreden vor papistischen Complotten und der Religionshaß litt es nicht, daß bas neue Gefetz gegen die von Dates und Genossen als Berschwörer benuncirten Ratholiken in Anwendung gebracht wurde. Immer noch waren Richter und Geimmorene geneigt, die Angeklagten zu verurtheilen, so mangelhaft und widersprehend auch die Beweisgrunde für ihre Schuld sein mochten; immer fullten sich

von Reuem die Kerker mit Papisten, immer bluteten neue Opfer auf dem Schaf Juni 1670. fot; im Juni starben fünf Tesuiten durch den Strang: Langhore, ein Barriste von Ruf und mehrere katholische Priester folgten ihnen im Tode nach; Alle be theuerten ihre Unschuld die zur letten Stunde. Die Gerichtshöse wurden zu Parteizwecken misbraucht oder von der Bolksmenge eingeschüchtert: wenn der Eise zu erlahmen schien oder das juristische Gewissen sich regte, wurden neue Gerücht in Umlauf geseht, neue Anklagen eingebracht. Ein mehrsach verurtheilter Böse wicht, Dangersield, den die katholische Lady Powis gedungen hatte, daß er ähn liche Aussagen gegen die Führer der protestantischen Konconsormisten vordringe sollte, verrieth den betrügerischen Gegenzug der Dame und reizte dadurch di Leidenschaft der Menge noch mehr auf. Eine Anzahl katholischer Edelleute harr ten im Tower ihrer gerichtlichen Berurtheilung entgegen.

Bachfenbe Daß bei fo gereigter Stimmung die neuen Barlamentsmablen im Sim Parteiung. ber Opposition ausfallen murben, mar vorauszusehen: befonders zahlreich ma ren die Presbyterianer vertreten, als die unverfohnlichften Gegner bes Papie mus. Es ichien als ob die Beiten bes langen Barlaments wiederkehren murden Schottsand. Auch in Schottland ruttelten die Covenanters an den Retten, welche ihnen durch bi Tyrannei der Episcopalen angelegt worden. Der Erzbischof Sharp von St. An brews, einer der heftigften Berfolger murde auf einer Reife nach Chinburg über fallen und ermordet. Ein Saufen fanatischer Presbyterianer nahm Rache a dem "Judas ber schottischen Rirche, ber feine Sand in das Blut ber Beilige getaucht". Als man die Thater mit Stenge verfolgte, entftand in der Begen von Glasgow eine Emporung. Rur die Anfunft bes milben und volksbeliebte Bergogs von Monmouth, bem ber Ronig Die Miffion ber Friedensstiftung über trug, bermochte die Rube und Ordnung wieder herzustellen. Dadurch nicht fich fein Ansehen in England; seitdem stiegen ehrsuchtige Gebanken in seiner Sed auf; man borte die Behauptung anssprechen, ber Ronig fei mit Luch Balter insgeheim verheirathet gewesen; als Sprößling einer kirchlich geschlossenen Eh glaubte er dem Bergog bon Bort entgegentreten zu tonnen, was ihm an legiti

Port und So bedenklich erschien der Hospartel und den Segnern Shastesbury's und Men Mondonthus mouths die Lage, daß sie, als der König erkrankte, heinlich den Herzog von Sork nad London kommen ließen. Als sich die Gesundheit des Bruders besserte, kehrte er nad Brüssel zurück, aber nur um seine Familie nach Schottland abzuholen, wo er jest seins Wohnsis nahm. Auch Monmouth mußte sich von London entsernen; er begab si auf einige Beit nach Holland, erschien jedoch bald wieder in England, wo er mit Schottesbury an die Spise der nationalen Bewegung trat, welche durch populare Agitatischen König zur Nachgiedigkeit in der Successionsfrage zwingen wollte.

ber Religion, ber Freiheit und ber öffentlichen Bohlfahrt auftreten.

mem Rechte abging, schien durch den Willen des Bolks reichlich ersetzt zu werder, und gegen den vom väterlichen Glauben Abgefallenen konnte er als Vorkänisse

Rarl ließ fich nicht einschüchtern: In bem Augenblid, ba Shaftesbury Shaftesbury mehr galt als je, entzog er ihm ben Borfit im Staatsrath und vertagte bie Gin- Brennbe aus berufung des Parlaments, welche die gange Ration forderte, von einem Termin bem Staatejum andern: Die agitatorische Bewegung zu Gunften des "protestantischen Ber- laffen. 10g8" wurde immer lebhafter; alle Sympathien ber Patrioten maren ibm augevendet, das Bolt erblickte in ihm den einzigen Mann, der die Ration bor ber sapistischen Reaction zu retten vermöchte. Aus bem toniglichen Bappen auf einer Autsche war der Schrägbalten verschwunden, der seine uneheliche Abtunft Shaftesbury war das Saupt und die Seele dieser firchlich-politiden Bewegung, fo elend und gebrechlich auch fein forperlicher Buftand bamals var : "er erschien, wenn man ihn fah, wie ein sterbender Mann, halb eine Leiche: iber er hatte noch das Reuer seiner Ideen, in denen sich politische Meinung und Ehrgeiz durchdrangen". Auf feinen Antrieb verlangten auch feine Gefinnungsjenoffen im Staatsrath, Ruffel, Cavendifh, Capel Lord Effer ihre Entlaffung, vie ihnen Rarl "bon gangem Bergen" gewährte. Immer mehr erweiterte fich nun vie Rluft zwischen ber Regierung, die hauptfächlich von ben "Triumvirn" Sunverland, Godolphin und Lawrence Syde geleitet warb, und ber protestantischen Rationalpartei: wenn biefe durch Abreffen, Flugschriften, Berfammlungen in brem Sinne zu wirten fuchte, fo verscharfte jene die Gesethe gegen Bereine und Breffe und beichrantte bas Betitionsrecht.

In den erften Monaten bes Jahres 1680 befand fich England in einem Framofice Buftande revolutionarer Gahrung, ben ber geschäftige Gesandte Barrillon, ber in England ualeich mit bem Safe und mit ben Kührern ber nationalen Dyposition in naben Beniehungen ftand und mit Geschenken und Sahrgelbern nicht gurudhaltend mar, m Intereffe Frankreichs zu berwerthen mußte. Denn nichts tonnte Ludwig XIV., er gerade bamals zu ben fo allgemein verhaften Reunionen fdritt, ermunich. er fein, als wenn England burch bie einheimischen Bermurfniffe abgehalten mar, en europäischen Allianzen beizutreten, welche dieses gewaltthätige Borgeben au erhindern, bas Uebergewicht Frankreichs in Intereffe bes Gleichgewichtspftems u brechen suchten. Wir wiffen, wie febr damals die französische Diplomatie beliffen war, allenthalben Faben angufnupfen, allenthalben Sympathien und Berindungen ju unterhalten, welche die Tendenzen ber Gegner ju durchfreugen eeignet waren. Einer ber thatigsten und geschickteften Unterhandler mar Barrif. on. Durch Algernon Sidney, ber über feinen patriotischen Beftrebungen und tweden auch feinen perfonlichen Bortheil nicht vergaß, ftand er mit mehreren influpreichen Mitgliedern der Opposition des Unterhauses in lebhaftem Berkehr; urch Budingham hatte er Fühlung mit ben liberalen Lords. Am hofe befaß r in der Herzogin von Portsmouth eine warme Gonnerin; im Cabinet hatte r einen gewandten talentvollen Parteiganger an Lawrence Spbe, dem zweiten Sohne bes früheren Ranglers, bem Bruber ber erften Bergogin von Bort, ber ei dem Ronia in Gunft ftand und den größten Ginfluß auf die Staatsgeschäfte

übte. Se nach der politischen Beitlage begünstigte man in Paris bald den Herzog von Vork, bald Monmuth. Barrillon unterhielt daher Zusammenhang mit beiden Parteien.

Die Grelus

Das Barlament, bas am 21. Oftober 1680 eröffnet ward, war bas treue Abbild der nationalen Barteiung. Umsonft suchte die Thronrede die Aufmert. famteit auf die auswärtige Politit zu lenken; Die Antwort betonte Die Sicherheit ber Staatsfirche im Innern, und die Opposition brachte sofort eine Bill ein, in welcher ber Bergog bon Bort für unfähig ertlart warb, bie Rrone bon England und Schottland zu erben. Er hatte mabrend ber Sigungen fich in London aufbalten wollen, um, wie er fagte, feinen Feinden perfonlich gegenüberzusteben; aber der Ronig, welcher fürchtete, man mochte eine Dochverratheanklage gegen ben Bergog erheben und er tonne bann nicht beffen Baftnahme verhindern, batte ihn genöthigt nach Schottland gurudzukehren. Die nationale Bartei beabfichtigte, wie zur Beit Elisabethe eine Affociation fur Die Sicherheit bes Ronige und ber Landesreligion zu grunden und ben Bergog von Monmouth, ber fich wieder in London aufhielt, an die Spite au ftellen. - Die Berhandlungen über bie Erbfolgefrage maren erregt und fturmifch: wenn die Regierungspartei mit Rachbrud bervorbob, daß ein Abfall von der Religion fein Rechtsgrund fei, um ben Unspruch auf die Rrone zu vernichten, und auf die Garantien hinwies, die der Rönig durch gesetliche Bestimmungen zur Sicherstellung ber protestantischen Rirche au gemähren bereit sei; so murde von der andern Seite mit ftaaterechtlichen und geschichtlichen Grunden bargethan, bag bas Parlament icon ofters über bie Rrone verfügt habe, murbe auf die Grundfage der fatholischen Rirche hingewiesen. nach denen es erlaubt sei, alle bem Intereffe der papftlichen Religion widerftre benden Bersprechungen zu brechen, wurde endlich aus der Geschichte der blutigen Maria, der Bartholomäusnacht und anderer Berfolgungsgräuel bargelegt, melden Gefahren man unter einem papiftischen Ronig entgegenginge. "Man werde Die Seelen verdammen, Die Leiber verbrennen, die Buter einziehen". Im No-

Die Seelen verdammen, die Leiber verbrennen, die Guter einziehen". Im Ro1680: vember wurde die Ausschließungsbill mit großer Majorität im Hause der Ge
meinen angenommen und von einer zahlreichen Deputation, an ihrer Spipe
Lord Russel in das Oberhaus gebracht. Selbst der Lordmayor und mehrere
Stadträthe von London schlossen sich an, obwohl die Hauptstadt wegen der Möglichteit neuer bürgerlichen Kännpse disher für die Ezelusionsbill am wenigsten
Begeisterung gezeigt hatte. Aber wie sehr immer Shastesbury und Essez die
Peers zu der Annahme zu bestimmen suchten; die Beredsamkeit von Halisar, die
sich nie glänzender bewährt hatte, als bei dieser Gelegenheit, bewirkte, daß der
Beschluß des Unterhauses, wonach der Herzog von Vork seines Erbsolgerechts
verlustig gehen sollte, mit 63 gegen 30 Stimmen verworfen ward. So weit kam
man jedoch auch hier der össentlichen Meinung entgegen, daß der Thronerbe an
den Testeid gebunden sein sollte und daß man Religion und Bersassung gegen
jede Angrisse, wenn er einst die Krone tragen würde, sicher zu stellen suchte. Auch

III. England unter ben zwei letten Stuarts u. Bilbelm III. 497

im Oberhaus batte man feine Spurpathien fur Bort, nicht einmal Sallfar, ber am ftartften bie Musfchließungsbill betampft hatte; aber man fürchtete, bie Rrone felbft und bas monarchifche Brincip mochte burch Erfcutterung ber Erbfolge au Schaden tommen.

Bu diefer Opposition gegen den tatholischen Thronfolger murde die englische Nation Galifax. nicht durch engherzigen Dogmatismus, nicht durch confessionellen Gifer angetrieben: es war jugleich ein Ringen um das hohe Gut burgerlicher Freihelt und überlieferter Staatsverfaffung. Der englische Staat beruhte fett der Reformation auf der innigen Berbindung der königlichen und parlamentarifden Gewalt. Durch die vereinigte Thatigkeit ber Rrone und der Bolksreprafentation, der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Autoritaten war der monarchifchepiscopale Staatsbau errichtet worden. Diefe gundamente durften nicht einseitig berrudt merden, ohne daß die gange Schöpfung in Gefahr tam. Aus den Berfuchen, bas eine oder das andere Clement jur herrschaft und alleinigen Geltung ju bringen, find die weltgefcichtlichen Rampfe des fiebenzehnten Sahrhunderts in England hervorgegangen. Diefe Clemente in bas harmonifde Gleichgewicht ju feben mar die Aufgabe der conftituirenden Thatigleit der berechtigten Factoren nach Jacobs II. Flucht. Rach Macaulay gehörte Salifag ju den "Erimmere", welche zwischen den beiden großen Parteien einen mittleren Beg suchten; er felbst sprach es offen aus, daß er nicht glaube, Bort tonne jemals in England regieren; die Aufrechthaltung der Erbfolgeordnung verde Schlieflich dem Prinzen von Dranien ju Statten tommen, mabrend die Annahme der Erclusionsbill ben Geraog von Monmouth auf den Thron bringen wurde; dies fei iber nicht nach dem Sinne des Königs und hatte auch im Lande felbst viele Gegner, refonders unter ber Beiftlichkeit.

Die Berwerfung ber Ausschliefungsbill im Dberhaus machte viel bofes Sochfluth ber Blut; fle galt als Beweis, wie febr bie papistische Reaktion in die höheren Areise richen Opingedrungen. Die Agitation erhielt badurch einen neuen Impule; die Bettitionen ür freie Parlamente bauften fich bermaßen, daß man einen Parteinamen daraus ildete ("Betitioners"); der Glaube an die Birklichfeit der papiftischen Berhworungen und bas Drangen auf Fortfepung ber gerichtlichen Berfolgungen raten wieber fcarfer hervor. Bunachft hatten die gefangenen tatholifchen Borbe nter Diefer verbitterten Stimmung ju leiben. Die Gemeinen brangen auf Bieberaufnahme ber Berfchwörungsprozeffe und ber faft flebenzigjahrige Thomas ioward, Biscount Stafford wurde auf Bengnisse hin, die felbst dem Bolle derachtig und unguverläffig erschienen, jum Tobe verurtheilt und enthauptet. Roch 29. Deebr. uf bem Schaffot betheuerte er feine Unfchuld und die umftehende Menge rief: Bir glauben Euch, Mylord! Gott fegne Euch!" Es war bavon bie Rebe, man uffe auch ben Bergog felbft, ber burch Coleman's Briefe in ein verbachtiges icht gestellt worden, wegen Theilnahme und Begunftigung des Papistencomplots re Gericht ziehen. Das Parlament trat immer mehr in die Spuren der Berrererlung bom 3. 1641. Richt nur daß es immer wieber auf die Ausschließung & Serzugs zurüdtam, daß es die Forderung erhob, alle Stellen in Berwaltung, ericht und heer follten nur mit Mannern befest werben, beren Ergebenheit für protestantifche Sache anerkannt fei, bag es bie Gefete gegen Presbyterianer 32

#### E. Die legten Sahrzehnte bes 17. Jahrhunderts. 498

und Diffenters zu milbern fuchte; es tnupfte feine Gelbbewilligungen an Bedingungen, in welchen ber Konig ein Beftreben erfannte, seine Berwaltung und Politit unter Controle ju ftellen; es fprach die Drohung aus, alle Raufleute, die ber Regierung Darlehn machen murben, funftig gur Berantwortung ju gieben; es verlangte jährliche Parlamente, alfo gleichsam ein populares Rebenregiment.

Erneuerung

Da glaubte Rarl nicht langer auseben au burfen; er lentte in die frubere bes frang. Bolitit ein, um von Paris neue Jahrgelder zu erlangen. Ludwig XIV. war febr erfreut, ben alten Bundesgenoffen wieder zu gewinnen und England von der feindlichen Alliang ber anderen europäischen Machte fern zu halten. Barrillon erhielt ben Auftrag, ben Ronig ber frangofischen Sulfe zu verfichern, wenn er fich der parlamentarischen Opposition entledigen wolle; und schon am 20. 3an. 20. Januar klopfte ber Herold mit bem schwarzen Stabe an die Thure bes Saufes und prorogirte die Sigungen. Zwei Millionen Libres jahrlich, welche Ludwig dem bedrangten Stuart juficherte, maren nach Syde's Anficht hinreichend, um mit den andern regelmäßigen Ginnahmen berbunden die nothwendigften Beburfniffe bes Staats und Bofhalts au bestreiten. Das Abkommen wurde nur

mundlich getroffen, damit es nicht in die Deffentlichkeit bringe.

Bhige unb Lories.

Um diese Beit bilbeten fich die zwei politischen Parteien, beren Ramen "Bhigs" und "Cories" bis auf ben beutigen Tag die Englander in zwei große Beerlager theilen. Der Parteiname "Bbigs" ging, wie fruber erwähnt (G. 202.) von Schottland aus, als die ftrengen Covenanters ben Bund von Bhiggamoraid Schloffen, um im Ginverftandniß mit ben englischen Republitanern ben gemäßigten Bresbyterianern zu widerstehen, die mit Ronig Rarl I. eine Uebereinkunft gefchloffen hatten. Benn gleich auf der altichottischen ftaatbrechtlichen Sbee einer Berbindung der Boltesouveraneto' mit dem Erbtonigthum fußend, ift die Partei in ihren außersten Auslaufen boch auch ju theofratifc-republitanischen Anschauungen fortgeschritten. Rur die aus Bolksmahlen berborgegangene Obrigkeit batte in ihren Augen einen Rechtstitel. Der Rame "Torb" bat feinen Urfprung im nordlichen Irland genommen und bezeichnete die extreme Oppositionspartei, welche geftust auf die eingebornen Geschlechter-Berbande und auf die romisch-tatholische Priefterschaft ben von den Stuarts begrundeten Ordnungen in Staat und Rirche sich widerjette, felbst mit den Baffen in der Sand. Diese Bezeichnungen, aus fremd. artigen Factionebildungen hervorgegangen, und mit einem Schatten von Schimpf und Schmabung bebedt, murben mabrend ber parlamentarifchen Rampfe auf bie Barteistellung in England übertragen, indem die Gegner der Erclusionsbill von ber nationalen Bartei mit bem verächtlich flingenden Ramen "Lorb" belegt wurden, mahrend die Berfechter bes Erbrechts die Biberfacher als "Bhige" bezeichneten. Beibe Ramen trugen in ihrem Schoofe Anflange an revolutionare Tenbengen gegenüber bem Stuartichen anglicanisch-monarchischen Regierungefustem, bort in Berbindung mit Papismus, hier im Berein mit ben auf bem Bringip nationaler Autonomie und Selbstbestimmung stebenden Bresbyterianern

und Diffenters. Es find die alten Gegenfage, welche einft die "Cavaliere" und "Rundtopfe" in zwei Seerlager ichieben, in abgeschwächter Form und unter bem Einfluß der brennenden Fragen der Gegenwart. Im Laufe der Jahre, als sich die Rebenbegriffe abstumpften und verwischten, concentrirten fich die theoretischen Doctrinen in dem Pringipe der toniglichen Brarogative, welche die Ginen möglichft ju erhöhen bie Andern möglichft zu beschranten trachteten. Die Bbige, an beren Spipe Shaftesbury und die geiftreichen patriotischen Manner ftanden, die uns wiederholt als die Rührer der parlamentarischen Opposition begegnet find, wie Algernon Sidnen, Lord Ruffel, Gren u. a. betrachteten die Staatsverfassung als einen gegenseitigen Bertrag zwischen Ronig und Ration und legten biefer im Falle ber Berlegung bas Recht bes thatigen Biberftandes bei; Die Tories bagegen, als beren haupt die hochfirchliche Univerfität Oxford galt, verwarfen den Grundfat, daß die burgerliche Gewalt vom Bolle ausgehe, bestanden auf der firchlichen Uniformität und bem legitimen Succeffionerecht und beischten von ben Unterthanen einen leibenben Behorfam.

Der Bertagung des Barlaments folgte die Auflojung und die Anordnung Das Barlas frischer Bahlen auf bem Fuße. Da fich die Stadt London bei ber Opposition Orford. besonders hervorgethan, auch die alten Abgeordneten wieder mahlte, so sollte bas neue Barlament seine Sigungen in Orford halten, fern von bem Beerbe ber Factionen. Diese Universitätsstadt und das ganze umliegende Land hielt meistens ju den Tories, daher wurden die Bhig. Deputirten von Saufen bewaffneter und berittener Manner ihrer Gefinnung begleitet. Sie trugen blaue Scharpen und Bander, auf benen die Borte zu lesen waren : "tein Papismus, teine Sclaverei". Der Ronig erflarte fich in der Eröffnungsrede bereit, für die Sicherheit der Landes. 21. Mars religion und ber Berfaffung alle Burgichaften zu geben, bagegen weigerte er fich flandhaft, ben Bruder feines Geburtsrechts zu berauben. Gerade darauf aber zielte die Mehrheit ab; da der Herzog abermals die Aufforderung zum Rucktritt entschieden von der Sand gewiesen hatte, so wollte die Opposition ihn wie einen Minderjährigen behandeln: nach Karls II. Tod follte ein Brotector mit bem gebeimen Rathe bas Regiment führen, Jatob nur den Chrentitel eines Ronigs tragen; Person und Amt sollten somit getrennt werden. Schon damals richteten fich die Blide der Bhigs auf Bilhelm von Oranien, dem man diese Burde audachte. Shaftesbury dagegen und feine Freunde unter den Lords munichten, ber König möge Monmouth zu seinem Rachfolger ertlaren. Diesem Borfchlag wiberfeste fich aber der Stuart aus allen Rraften. Mit bem Erbfolgerecht, meinte er, ficht und fallt die Sicherheit des Reichs. Die Ginfetung einer Regentschaft ober eines Brotectorats mar fo wenig nach feinem Sinn wie die Exclusionsbill, anf welche bas Unterhaus immer wieber zurückfam.

Bei fo entgegengefesten Tendenzen tonnte tein Ausgleich, teine Berfohnung Auftofung. erhofft werben; auch waren bie beiben Baufer unter einander zerfallen und in fich selbst gespalten. So reifte benn bei bem Ronig ber Entschluß, fich auch dieses Bar-

taments zu entledigen. Ohne einem Menschen sein Borbaben mitzutheilen begab er fich in das Oberhaus, und nachdem er die Gemeinen dabin entboten hatte, sprach 20. Mars er feierlich die Auflösung aus. Es heißt Shaftesbury habe, wie in der Folge Dirabeau ben Berfuch gemacht, die beiben Baufer beifammen zu halten; aber zu einem folden ungefetlichen Alt, ber einer Emporung gleich getommen ware, ließen fich die Beifter trot der herrichenden Aufregung nicht fortreißen. Die Bergangenbeit ftand noch wie ein brobendes Gefpenft vor ihrer Seele. Alles eilte bavon ; "es war ein Anblid, wie wenn ein Binbftof einen Banm ploglich entlaubt." Dit bem 1. April begannen bie Bahlungen von Frantreich, funf Millionen Livres auf brei Jahre vertheilt. Dadurch mar dem Stuart die Berpflichtung auferlegt, fich der Allianz der continentalen Mächte fern zu halten und in ftreitigen Fällen auf Frantreichs Seite zu treten. So wurde in bem Augenblid, ba ber frangofische Monarch Unftalten traf, fein Reich nach Often und Rorben auszudehnen und qualeich im Innern die religiofe Uniformitat herzustellen, die größte protestantifde Dacht, bie in Berbindung mit ben Generalftaaten allein im Stande gewesen ware, ben Gewaltthätigfeiten bes übermuthigen Ronigs in Berfailles eine Schrante zu feten, ben allgemeinen europäischen Intereffen entfrembet, ja in die Bundesgenoffen. schaft mit dem bespotischen Dachthaber gezogen. Umsonft begab fich Bilbelm bon Dranien, ber die Aufrechthaltung bes politischen Gleichgewichts von Europa jum Bauptzweck feines Lebens machte, nach London, um burch feine perfonliche Bull 1681. Einwirfung den inneren Conflitt auszugleichen und ben Obeim gum Beitritt gu ber großen Afforiation zu bewegen; ber Stuart hatte fich bereits insgebeim verlauft; Bilbelm fehrte unberrichteter Dinge gurud. Benige Bochen nachber erfolgte ber Gewaltstreich gegen Strafburg! Um dieselbe Beit halfen Bechsel im Betrag von 50,000 Livres, die Barrillon beimlich an Lorenz Sobe auszahlte, ohne nur eine fdriftliche Empfangebeicheinigung ju begehren, ber bringenden Geldnoth bes englischen Gofes ab, "vielleicht die tieffte Erniedrigung, ju ber eine Regierung bes ftolgen und reichen England jemals verdammt gewefen ift. Beichamt burch fich felbft verbarg fie fich in ein undurchbringliches Gebeimnis."

#### 5. Karls II. sette Regierungszeit und Ausgang.

Der LordeDer LordeMan sollte benken, daß ein auf so fanlen Stüßen ruhendes Regiment Wahlen, hatte zusammenbrechen mussen; und die ersten Ausbrücke der feindseligen Stimmung, welche die neue Parlamentsauslösung erzengte, waren allerdings drohend genug. Besorgliche Gemüther fürchteten die Wiederkehr der Borgange vom Jahr 1641. Mit der Zeit jedoch trat eine ruhigere Ueberkegung ein. Dem Mittelstande schwebte die Möglichkeit eines neuen Bürgerkriegs, einer Rückehr der Republik wie ein Schrecksild vor der Seele. Man fing an, den Zusagen des Königs, daß Kirche und Berfassung auch unter einem katholischen Gerrscher und verlett erhalten werden sollten, mehr Bertrauen zu schenken; die Exelusionsbill,

die nicht rechtlich zu begründen war, hatte viele Gegner: eine Abreffe ber Universität Combridge, worin die Lebre bargelegt war, "bag bie fonigliche Gewalt nicht bom Bolte ftamme, fonbern aus bem fundamentaien Erbrecht, welches weder burch Religion noch burch irgend eine andere gefehliche Beftimmung vernichtet werben tonnte", machte großen Gindrud; die Bifcofe und die gange bochfirchliche Partei blidten mit Beforgniß auf die machfende Bedeutung, welche bie Bresbyterianer und Diffenters während ber Bewegung erlangt batten. Ihnen war bie Ertlarung bes Ronigs, bag bie gegen Papiften wie gegen protestantifche Roneonformiften erlaffenen Gefete genau burchgeführt, die Uniformität feftgehalten werben follte, gang nach Berg und Ginn. Balb traten bie Betitionen und Proteste ber Opposition gegen die Lopalitäteabreffen ber Getreuen in Sintergrund. Auch in Schottland erlangte bie bischöfliche Bartei, welche an ber regel, makigen Erbfolge nach dem Geburtsrecht wie an bem Eviscopalfoftem feftbielt, Die Oberhand. Jacob felbft, ber an der Stelle bes im Sterben liegenden Bord Lauberdale als Commiffer des Königs das Parlament eröffnet hatte, wußte die Aug. 1681. natürlichen Sompathien ber Schotten für die angestammte Opnastie zu beleben, fo febr auch die auf fein Betreiben vollzogenen barbarifchen Strafgerichte und Bluturtheile gegen die Covenanters ben harten und tyrannifden Chavafter bes fünftigen Ronigs verriethen. Satte fich Sacob entschließen tonnen, wie ihm ber Bruder burch ben Minifter Sube borfchlagen ließ, wenigstens auserlich fich jur anglicanifchen Rirche au halten, fo mare feiner Rudlehr nach England und ber Una ertennung feines Thronrechts tein hinderniß in ben Beg gelegt worden. Aber feine Gewiffenerathe widerfetten fich jeber Annaberung an die protestantifche Confession und er folgte ihnen mit ganger Singebung.

Diefe ftarre Anhanglichkeit an ben Bapisinus trug wenigstens bei, daß die Shaftesburd Barteiung nicht ganglich umschlug, daß Bhigs und Cories einander bas Gleich- boner Comgewicht hielten. Und wenn es auch ber Regierung nicht gelang, Die Berichtsver- mune. folgungen wegen papiftischer Umtriebe und Complotte gang niederzuschlagen, wenn Oliver Plunket, ber tatholifche Titular-Erzbischof von Armagh wegen einer angeblichen irlandischen Berfcwörung sein Saupt auf ben Blod legen mußte; fo fühlte man fich boch ftart genug, ben Arm ber Juftiglauch wiber die Gegner in Auwendung zu bringen. Gegen Lord Shaftesburd wurde eine Rlage eingereicht, daß er einen Anschlag auf die Freiheit des Rönigs und einen Bersuch zur Ginführung ber Republit gemacht habe. Allein die aus Bhige ausammengesette große Jury von London und Middleser, welche fürchtete, daß man Rundgebungen politischer Tendenzen zu gerichtlichen Berfolgungen gebrauchen wolle, berwarf Die Antlage wegen ungenugender Beweisftude, ein Befchluß, ber in der Gity mit unermeflichem Jubel aufgenommen wurde. Run ftrengten aber auch die Cories ihre Rrafte an und bas agitatorifche Treiben gewann neues Leben. Flugfdriften und politifche Gedichte suchten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m Barteiintereffe ju bearbeiten; felbft Droden griff gur Satire. Den Sauptheerd Diefer politischen Be-

wegung bildete London. Die Burgerichaft, die einft am meisten fur bie Berftellung bes Stuartichen Ronigthums gewirft hatte, hielt jest entichieben an ber Bis in den Gemeinderath und die ftadtischen Behörden war ber Factionsgeift igedrungen. Shaftesbury batte fich bas Stadtburgerthum erworben, war in eine Bunft eingetreten, ftand mit ben einflugreichften Mannern ber Raufmannschaft in Berbindung. Die großen Brivilegien, Die fich die City nach und nach erworben, verlieben ihr einen boben Grad von Autonomie im Gerichts. und Bermaltungswesen. Diese municipalen Rechte, welche auf die Busammen. fegung ber Burd fo großen Ginfluß übten, beichloß nun die Regierung au beschränken. Aus einigen Gagen ber Affociationsalte und ber Betitionen, welche auf revolutionare Tendengen gebeutet werben fonnten, wurde gefolgert, daß die Communalverwaltung ihre Befugniffe überschritten habe, und wenn gleich bie Saupter ber Bhigpartei die Aechtheit ber vorgebrachten Schriftstude beftritten, ober burch milbernde Interpretation ber Ausbrude bie lopale Saltung nachwiesen; so wurde doch von den Rechtsgelehrten der Krone eine gerichtliche Brufung der ftadtischen Brivilegien eingeleitet. Das Urtheil, daß die Stadt ihren Freibrief verwirtt habe, wurde wohl nicht in feiner gangen Strenge aufrecht erbalten, die Bernichtung ber Charters nicht nach ihrem ganzen Umfang burchgeführt; allein die Regierung nahm bavon Gelegenheit, der Bahlfreiheit ber Gemeindebehörden Schranten ju fegen; Lordmagor und Sheriffs, bon benen bie Lifte ber Gefchwornen ausging, follten in Butunft von einer toniglichen Beftätigung abhängig fein. Diefes Berfahren wurde auch in andern Stadten nach. geabmt, wobei fich ber Oberrichter Jeffreys burch Gifer und Thatigteit fur die Sache bes Ronigthums besonders bervorthat. Ueberall wurde der Krone bas Bestätigungerecht ber ftabtischen Magiftrate und bamit größerer Ginfluß auf bie Befegung ber Schwurgerichte jugewendet.

Die Thron- Seitdem war das Anjegen und ver Sunjup Die Berbindung mit den gefichert, und da auch Ludwig XIV., um die ihm so vortheilhafte Berbindung mit den Stuarts warm zu erhalten, in feinen nieberlandifchen Berwidelungen auf ber Ronig bon England besondere Rudfichten nahm und dem Bergog bon Bort große Gewogenheit zeigte, so befestigte fich die Autorität der Regierung mehr und mehr. Jacob erhielt die Erlaubnis, an den koniglichen Dof gurudzukommen. Die Sergogin von Bortsmouth, die ihm und feiner Gemahlin bisber nicht febr bolb gewefen, verföhnte fich mit ihm, als er ihr und ihrem Sohne Richmond ben Rorts bezug ihrer Sahreseinkunfte über bas Leben Rarls hinaus zunicherte. Begleitet bon. Die feindselige Stellung, in welche ber frangofische Ronig balb nachber ju

19. April von vielen englischen und schottischen Abeligen hielt Sacob seinen Ginzug in Lonbem Bringen von Dranien gerieth, bewirfte, daß bas Berhaltniß bes Berfailler Bofes und bes Bergogs bon Bort fich immer inniger gestaltete, und bag ber frangöfische Monarch fur bas Successionerecht bes toniglichen Brubers mit aller Entschiedenheit eintrat. Bie laut auch immer noch die Anhänger ber protestan

tischen Rachfolge in manchen Graffchaften ihre Sympathien für Monniouth tund gaben: bei Sof und Regierung, bei Adel und Rlerus gewann bas Prinzip ber legitimen Succeffion immer mehr Boden. Bald gelang es ber Regierung auch in der Sauptftadt durch Bablbeberrichung, durch Ausschließung ber Nonconformisten, insbesondere der Bresbyterianer und Quater und durch allerlei Mittel ber Corruption die öffentliche Autorität in die Bande der Tories zu bringen und Decbr. 1682. ben Geift ber Opposition allmählich niederzuschlagen.

Die baufigen Bertagungen und Auflosungen bes Parlaments waren ficher- Bbiggiftilich nicht im Beifte ber Berfaffung : aber nach bem formalen Recht tonnte dem plotu Shafe König die Befugniß bazu nicht abgesprochen werden. Den Führern der patrio- Ausgang. tifden Bartei mar es nun befonders barum ju thun, die Ginberufung eines neuen Parlaments ju bewirten. Shaftesbury ftellte bem Ronig eine namhafte Beldbewilligung in Aussicht, wenn er fich bagu entschließen und in eine Beschränfung der Autorität des tatholischen Thronerben willigen wollte. Als aber Rarl jebe Sandreichung verschmabte, tauchte in ben Reihen ber Bhige ber Plan auf, fich mit Gewalt bes brobenden Absolutismus und Papismus zu erwehren. Aus seinem verborgenen Aufenthaltsort in der City leitete der Graf die Faben einer agitatorischen Bewegung, welche Monmouth ober Oranien auf ben Thron bringen, ober auch "bie alte gute Sache" wieder beleben follte. Es murde ein Bort von ihm herumgetragen : "er wolle ben Ronig allgemach aus feinen Landen spazieren laffen, und ber Bergog von Bort muffe wie Rain auf bem Erdboben schweifen". Man suchte Monmouth fur die Durchführung ber popularen Ibeen au gewinnen. Durch gleichzeitige Aufftanbe in London, in Chefbire, Briftol, Rewcaftle, benen eine Schilderbebung ber gebrudten Bresbyterianer in Schottland Borfchub leiften wurde, follte ber unechte Ronigssohn als funftiger Berrider ausgerufen, follten jährliche Parlamente, freie Bahl ber Magiftrate, Unabbangigkeit ber Landwehr eingeführt, die ftrengen Uniformitatsgesethe gegen Die Diffentere abgeschafft werben. Mit 10,000 bebergten jungen Mannern, meinte Shaftesbury, die in London seines Binkes gewärtig feien, laffe fich schon etwas Er war sechzig Sahre alt und gichtfrant; sollten bie Gnter, nach benen er fein Leben lang geftrebt, politische Freiheit und religiofe Solerang, seinem Baterlande zu Theil werben, so durfte er nicht gogern. Sein Plan war, fich ber Perfon des Ronigs zu bemachtigen und ihn mit Gewalt zu zwingen, auf bie Borfchlage ber Bbige einzugeben. Die Berfolgung aller presbyterianischen und puritanifden Nonconformiften, die Umgeftaltung ber ftadtifden Magiftrate im Sinne der Reaction, die parteiffche Beeinfluffung der Richter und Geschwornen burch die Beamten hatten in den Oppositionsfreisen eine große Aufregung erzeugt, die dem verwegenen Blane gunftige Ausfichten eröffnete. Allein es berrichte Zwiespalt in der Bartei. Billiam Ruffel mar mobl entschieden für die Ausfoliegung bes Bergogs von Bort, verfchmabte aber gewaltsame Magregeln, insbesondere einen Angriff auf die koniglichen Garden; auch Monmouth war nur

mit halbem Bergen bei ber Sache; er ließ fich fogar ohne Biderftand auf einige Dit. 1682. Beit unter Aufficht stellen; Algernon Sibney mar aus Grundsat Republicaner. Ein gewaltsames Borgeben, wie es Shaftesbury im Sinne hatte, schien ben Parteigenoffen zu bedenflich. In mehreren Busammentunften gelangte man zu teinem gemeinsamen Entschluß. Shaftesbury prophezeite ben Baudernden Beil und Strid und entzog fich dann ber Berfolgung, die er vorausfah, durch die Flucht. Er begab fich nach Solland, vielleicht in der Abficht, eine Berbindung Draniens und Monmouthe zu bewirken; aber die Gemutheaufregung ber letten Tage und eine fturmische Ueberfahrt verschlimmerten sein Sichtleiden. Drei Monate spater fand 3an. 1889. fein erschöpfter Rorper im Grabe die Rube, die ihm im Leben fremd gewesen war. Das Rpe house-Blot. Die Boraussagung Shaftesbury follte bald in Erfüllung geben. Bon ber icas. großen Whiggistischen Berschwörung, welche mittelft bewaffneter Aufftande Die religiose und politische Freiheit gegen reactionare Bergewaltigung retten wollte, hatte fich eine kleine verwegene Faction abgezweigt, die ohne Biffen und Billen ber angeseheneren Parteibaupter auf gewaltsamen Begen borzugeben befchlos, Manner aus der alten republikanischen Beit, leidenschaftliche Fanatiker, Die burch ben religiösen Drud jur Bergweiflung gebracht waren, verwilderte Gemutber. welche mabrend ber vorausgegangenen Berichwörungsprozeffe und Blutgerichte fich an Frevel und Ruchlofigfeit gewöhnt hatten. Das Biel biefer engeren Berfcmorung, bekannt unter dem Ramen des "Rpehouse-Complot" mar die Beseitigung bes Ronigs und bes Thronfolgers. Auf einer Reise von Remmarket nach London sollten beibe in einem Hohlmeg überfallen und entweder ermordet oder gefangen genommen werden. Aur ber burch eine zufällige Beranlaffung beschleunigten Rudtehr verdankten die Bruder ihre Rettung. Das verbrecherische Borhaben wurde bald ruchbar; Rumbold, ber Eigenthumer bes Mehlhauses in Hertfordshire, wo das Complot entstanden war, entfam nach Holland, einige andere Theilnehmer dagegen, unter ihnen Balcot, ein ehemaliger Cromwellicher

feben machte.

Die Sambter Bei dem Berhor hatte fich herausgestellt, daß die Berschwornen ihr Bertrauen ber Monter auf machtigere angesehenere Manner gerichtet hatten, daß fie der Meinung gewesen, verficchten. im Talle des Gelingens ihrer That wurden die Whigs ihre Parteigenoffen im Reiche unter die Baffen rufen und die parlamentarische und religiose Freiheit berftellen; die gedrücken Covenanters in Schottland würden fich der Erhebung anschließen. Es war daher für die reactionäre Regierung keine gar schwierige Aufgabe, beide Berichwörungen zu verbinden und die Freunde Shaftesburp's mit ben Urbebern des Mehlhaus-Complots in eine Linie zu stellen. Alsbald wurden Ruffel, Sidney, Sampben, ein Entel bes alten Freiheitfampfers, fo wie die Lords Soward und Effer, Gobn bes unter ber Republit bingerichteten Ropalisten Arthur Capel (S. 209.) in den Tower gebracht und auf Hochverrath angeklagt; Ford of Gren

Hauptmann, wurden zum Tobe verurtheilt und hingerichtet. Es waren meistens beruntergekommene, wenig geachtete Leute, beren Bestrafung kein besonderes Auf-

und Monmouth entlamen. Reiner ber Berhafteten batte Renntnif von bem Attentat: Rarl felbft glaubte nicht an ibre Schuld; benn bei allen Busammenfünften, auf benen fie und andere Bhigs über bie Mittel fich berathen, wie man die burgerliche und religiofe Freiheit gegen ben berrichenben Despotismus und bie noch brobenberen Gefahren in ber Bufunft retten tonne, batte man ftete ben Gebanten einer blutigen Gewalthandlung mit Abscheu zurudgewiesen. Da fie fich aber zu bem Grundfage belanuten, bag einer rechtsverlegenden Obrigfeit gegenüber ber Biberftand geftattet fei, fo konnte mabricheinlich gemacht werden, daß fie ben bon Andern geplanten Meuchelmord, wenn er gelungen mare, ju Umflurg und Emporung benutt haben murden. Durch die papiftischen Berschwörungeprozesse war ber Beariff bes Sochverrathe febr bebnbar und vielbeutig geworden : baan hatten die Bbias felbit beigetragen, nun litten fie unter ihrem eigenen Bert. Bord Effer legte im Lower Band an fich felbft, um, ba er bei dem feindfeligen Charatter der Richter und Geschwornen an ein freisprechendes Urtheil nicht glauben durfte, feiner Familie Rang und Bermogen zu erhalten; Lord howard bachte niedeig genug, seiner eigenen Rettung wegen die Freunde zu verrathen und ihre Sould zu erhöhen. Bord Ruffel blieb babei, bag er nur ben Unregelmößigkeiten gorb Ruffel und Reuerungen der Regierung mit legalen Mitteln entgegengetreten fei; aber in Beiten großer politischer Erregung ift es fower bie Grenglinie amifchen erlaubtem Biberftand und Emporungeversuch bargulegen. Die ber Torppartei angehörenden Richter und Gefchwarenen fanben, daß ber Bord fich des Bochverrathe ichulbig gemacht, und verurtheilten ihn aum Sobe. Bergebens wendete er fich aus Rudficht für feine Familie an ben Ronig um Gnabe, an ben Bergog bon Bort um seine Fürbitte; er versprach, fich jeder Opposition zu enthalten; aber von der Anficht, bas eine Ration bas Recht habe, Religion und Freiheit zu vertheis bigen, felbit wenn der Angriff unter dem Schein der Gefete por fich gebe, wollte er nicht laffen; auch bie zwei Geiftlichen Tillotfon und Burnet vermochten ibn nicht zu überzeugen, daß Widerstand gegen die Obrigfeit mit ben Geboten ber Schrift in Biberspruch ftebe. Diese Standhaftigfeit und Ehrlichfeit brachte Russel unter das Beil. Gelbst die Berwendung des ehemaligen frangofischen Botichaf. tere Rubigut, ber mit bem Saufe Bebford-Ruffel vermandt mar, bermochte ben Lonig nicht gur Begnabigung ju ftimmen; "au feiner eigenen Sicherheit und gur Erhaltung des Staats muffe er ein Exempel ftatuiren" war Rarls Antwort. Alle weiteren Fürbitten angesehener Freunde und Jamilienglieder blieben ohne Wirtung. Am 21. Juli bestieg Billiam Ruffel mit ber größten Seelenruhe und in 21. Juli glaubiger Buverficht auf die Gnade Gottes bas in Lincolninkelds aufgefchlagene, mit schwarzen Teppichen bedecte Schaffot und hauchte unter ben Sanden bes Blutrichters fein Leben aus. Seine Saltung war "wie ein Triumph über den Tod".

An dem nämlichen Tage veröffentlichte die Univerfitat Oxford eine Declaration, Die Bigworin fie ewige Berbamminis aussprach über die Behren : "daß die burgerliche Gewalt Grundlebren bom Molt ausgehe, das ein Bertrag im Staate obwalte, einerlei ob fiillichweigend ober verbammt.

ausdrudlich geschloffen, durch beffen Berlegung bon der einen Seite auch die Berbind. lichkeit bes andern Theiles erlosche; bas ber Fürft, welcher nicht gemäß ben göttlichen und menschlichen Gefegen regiert, fein Recht auf die Regierung verliere", und ließ eine Angahl Schriften, worin folche Doctrinen enthalten waren, in die Flammen werfen. Bedingungslofer Gehorfam gegen die Obrigfeit follte das beilige Gebot der anglica-Monmouth nischen Staatsfirche fein. Monmouth warf fich dem Ronig ju gugen und erhielt nach bole Gnade, nachdem er bem herzog von Bort die Ertlarung gegeben, "daß er ihn als ben mahren Erben ber Rrone anerkennen und vertheibigen wolle'. Als man ibn aber ju Aussagen wider seine politischen Freunde notbigen wollte, entslob er nach Golland. Sein Bertrauter Thomas Armftrong, bon ben Generalftaaten ausgeliefert, murbe nach: träglich enthauptet.

Sibney ver= urtheilt unb

Die ropalistischen Ultras waren mit den bisberigen Opfern noch nicht zuhingerichtet. frieden; Algernon Sidney follte seinem Gesinnungsgenoffen Ruffel in die andere Belt nachfolgen. Man tonnte ihm teine Sandlung nachweisen, die als hochverratherisch batte ausgelegt werden tonnen, außer daß er mit migvergnügten Schotten in Unterhandlung gestanden habe. Dafür war jedoch nur ein einziger Beuge, Lord Howard, aufzutreiben. Um nun ben Mangel bes zweiten gesetlich erforderlichen Beugen zu erfeten, jog ber Oberrichter Jeffreys eine in bem Arbeitszimmer bes Angeflagten gefundene Sandidrift ju Sulfe. Es war eine Abhandlung, in welcher Sidney seine Bedanten über Regierung niedergelegt hatte. Sie war nicht veröffentlicht worden und es konnte nicht einmal erwiesen werden, daß fie jum Druck beftimmt gewesen. Darin ftand unter andern an republikanische Grundfate ftreifenben Aussprüchen ber Sat, Rarl II. verdiene bas Schidfal feines Baters. Der Gerichtshof urtheilte, bag es icon Sochberrath fei, folde Bedanken nur ju begen, wie viel mehr, wenn fie niedergeschrieben murben! Go mußte auch Sibneb auf

8. Decbr. dem Blutgerufte fterben. Er betbeuerte feine Uniculd bis jum letten Athemang und rief die Rache des himmels auf seine Berfolger herab. Bon der Beit an fühlte fich ber Ronig noch ftarter an ben Bruder gefesselt; Die gemeinsame Gefahr verband fie ju gemeinsamem Sandeln. Jacob wurde mehr zu ben Staatsgeschäften beigezogen. Man fagte, er habe icon bei Lebzeiten Rarls zu regieren angefangen.

Das tonig-

Im Frühjahr 1684 mar der dreijährige Termin der Bertagung des Orforder liche Regie Parlaments vorüber, und im Staatsrath wurde in Erwägung gezogen, ob nicht Die Sigungen wieder eröffnet werden follten. Die ropaliftische Stromung trieb bamale fo bobe Bogen, bag taum eine Oppofition zu fürchten gewesen ware. Auch waren Salifar, der in die gesetlichen Bahnen einzulenken fuchte, Sode, jum Earl von Rochefter ernannt und Danby, beffen Befreiung Rarl vor Rurgem erwirft hatte, für die Einberufung. Ein folder Schritt, meinten fie, wurde den Ronig popular machen. Aber Rarl wollte für die Jahre des 3manges und der Demuthigung volle Rache nehmen, die Brarogative ber Rrone, fraft beren Bertagung wie Einberufung bes Parlaments ein freier Billensatt bes Ronigs fei, bis auf die außerste Grenglinie ausnugen. Auch Jacob wollte nichts von parla-

mentarischen Debatten hören. Roch zahlte ja Ludwig XIV., wenn gleich zogernd bie Jahrgelber fort. So unterblieb benn die Einberufung. Und auch diese Ungesetlichkeit ging ohne merkliche Aufregung vorüber. Die Ration, ber Conspirationen mube und ben Republikanern und Ronconformiften abgeneigt, verhielt fich rubig, so daß der Bergog von Bork feine Aemter wieder antreten und Rarl unumichrantter als je regieren tonnte. Die englischen Raufleute, erfreut über ben Aufschwung ihres Sandels auf bem europäischen Festlande, ließen ibm au Chren eine Bilbfaule auf ber Borfe errichten, worin er als Bieberherfteller des Friedens, als Bater des Baterlandes, als Berr und Beschützer ber See verberrlicht warb. Bie freute fich ber Stuart, bag er es mit feinen politischen Runften fo herrlich weit gebracht. Der Gedanke, lediglich ein parlamentarischer Rönig zu fein, war ibm ftets unerträglich gewesen, bas ftand mit ber Richtung ber Beit fo völlig im Biberfpruch. Run mar es ihm gelungen, bem Geburtsrecht, bem er seine Berftellung auf ben Thron verbantte, eine selbständige Bedeutung neben und über dem Barlament zu geben und es im ganzen Reiche anerkannt zu feben.

In feiner gewohnten beiteren Stimmung verbrachte Rarl II. ben Abend garls II. bes 11. Februar im Rreife feiner Angehörigen und Sofleute; aber mabrend ber 1085. Racht wurde er von einem apoplektischen Schlage getroffen; am Morgen fand man ihn entstellt in seinem Bette, verwirrt in Geift und Sprache. Durch aratliche Bulfe erholte er fich wieder, in London lautete man die Gloden aur Reier seiner Biebergenefung. Rach einiger Beit wiederholte fich jedoch ber Unfall, und bald war alle Hoffnung auf langeres Leben verschwunden. Der Erzbischof von Canterbury und Thomas Ren, Bischof von Bath und Belle traten an fein Rrantenlager und ermahnten ibn für feine Seele bedacht ju fein. Er erwiederte, daß er feine Sunden bereue und gab zu, daß ihm die Absolution nach dem Ritus ber englischen Rirche ertheilt warb. Aber fo oft fie die Frage an ihn richteten, ob fie ihm bas Abendmahl mit Brot und Bein reichen follten, gab er ausweichende Antwort: es habe feine Gile, ober er fei zu schwach. Da wurde ber Bergog von Bort, der bisher mit seinen eigenen Angelegenheiten beschäftigt mar, von Lady Bortsmouth aufgeforbert, für geiftlichen Beiftand ju forgen, ba ber Ronig katholisch sei. Jacob naberte fich bem sterbenden Bruder und fragte ibn leife, ob er einen Priefter holen folle. "Thue das, um Gottes Billen", antwortete Rarl "wenn es bir teine Gefahr bringt." Balb nachher murbe ein ichottifcher Benedictinermond, John Subblefton, ber bem Stuart einft nach ber Schlacht bei Borcefter große Dienfte geleiftet hatte und damals gerade in Bhitehall war, in bas Rrantenzimmer geführt. Der Bergog fprach: "Diefer gute Mann hat einft Guer Leben gerettet, jest tommt er, Gure Seele ju retten." Der Briefter kniete an bem Bette nieder und vernahm aus bem Munde bes Ronigs die Erklarung, daß er in der Gemeinschaft ber tatholischen Rirche zu sterben wunfche. Darauf legte ber Rrante eine Generalbeichte ab und empfing die Ab-

folution, die lette Delung und bas Abendmabl nach tatholifdem Gebrande. Rur zwei Hofleute waren augegen; die übrige Umgebung war entfernt worden, ber Bergog felbst hütete die Thure. Aber in dem Borgemach ahnete man, was brinnen vorging. Dennoch blieb die Belt über bes Ronigs wahre Religion im Duntel. Es beibt, die zwei anglicanischen Bischofe feien noch einmal zugelaffen worben. Der wirfliche Sachverhalt follte verborgen bleiben. Bie Rerl im Leben es mit beiben Confessionen gehalten, so wollte er auch im Lobe auf beiben Begen in die Ewigfeit eingeben. Sein ganges Befen war politifche Berechnung; an diefer hielt er auch in ber letten Stunde noch fest. Am andern Morgen, dem 16. Bebr. 16. Februar neuen Stils, ftarb Ronig Rarl II. im fünfundfünfzigften Lebensjahr. Gein Sterbelager umftanden seine unehelichen Rinder, von benen er neun anerkannt batte, fein Lieblingefohn Monmouth fehlte. Bei ben Umftebenben entschuldigte er fich, daß er ihnen durch sein langes Absterben so viele Unbequemlichteiten mache. Als die Rönigin, Die burch eigene Rrantheit gurudgebalten mar, bem Gemahl die Bitte vortragen ließ, ihr Alles zu vergeben, womit fie ibn beleidigt habe, rief Rarl aus: "Armes Beib, fie bittet mich um Berzeihung? 3d bitte fie darum von gangem Bergen!" Go bewährte ber Stuart noch im Sterben Die feine gefellschaftliche Urbanitat, durch die er fich fo oft die Bergen gewonnen.

#### 6. Jacob II. und die Aufflände in England und Schottland.

Ronig Bacob II. Rach Rarls II. Tod war der Herzog von Bort nach dem Geburtsrecht König von Großbritannien und Irland. Er war zweiundfünfzig Sahre att und batte ein bewegtes Leben hinter fich. Bir find bem Fürsten, ber jest als Jacob II. die Krone erhielt, im Laufe ber Geschichte oft genng begegnet. Er hatte einft im frangofischen Beere unter Eurenne gebient und ben ber Beit an eine ftarte Borliebe für Franfreich und seinen großen Monarchen in feine Seele aufgenommen. eine Borliebe, die mit den Jahren fich nicht verminderte; war doch das freund-Schaftliche Berhaltnig zwischen ben Bofen von London und Berfailles bauptfad. lich sein Wert. Als Großadmiral hatte er in ber Schlacht bei Southwoldshab gegen be Rupter Tapferkeit und entschloffenen Muth gezeigt. Bon seiner bebarrlichen Gemutheart, von feinem bis jum Eigenfinn ftandhaften Charafter baben wir auch fonft Beweife gehabt. Bon ber wandelbaren, fomiegfamen und nachgiebigen Ratur des Bruders war er eben fo weit eutfernt, wie von deffen verfonlicher Liebenswürdigkeit und gewinnendem leutfeligen Befen. Man ergablte fich viele Buge von Barte, Rachsucht und Graufamteit, Die er mabrend feiner Bermaltung in Schottland gegen seine Bidersacher an Tag gelegt. Er tounte ohne Gebarmen und Gemutheerregung den ummenschlichen Torturen aufeben. In feinem Lebens. wandel war er von den Gunden und Lastern der Beit und des Gofes nicht frei geblieben; nur bag er vorfichtiger und gurudhaltenber war und feiner aweiten Gemahlin große Rudficht bezeigte und einen weitgehenden Einfluß gemabrte.

# III. England unter ben zwei letten Stnatts u. Bilbelm III. 509

Frauen und Priester hatten von jeher große Macht über ihn. Bon seinem Eifer für die katholische Religion haben wir viele Proben gehabt. Es war die Beit der französischen Bekehrungsthätigkeit; und Riemand bewunderte mehr die Triumphe Ludwigs XIV. als der neue König. Mit den gebrochenen Gerzen der Berfolgten hatte er kein Mitleid.

Jacobs II. Regierungsantritt fand nirgends Biberfpruch. Als ber geheime Die Anfange. Rath ihm feine Sulbigungen barbrachte, bestätigte er bie bisherigen Mitglieder in ihren Aemtern und ertlarte bei ber Belegenheit, bag er ben bosen Leumund, als fei er jur Billfur geneigt, burch bie That widerlegen werde; er werde Rirche und Staat in ihrer gefehlichen Berfaffung aufrecht erhalten, er wiffe, bag bie Betenner bet anglitanischen Rirche getreue Unterthanen feien. Er werbe bie Berechtsame ber Rrone behaupten, aber nichts antaften, mas einem Unbern gehore. Diese Borte, in ber Beitung von London veröffentlicht, murben vom Bolte mit Beifall aufgenommen und trugen wesentlich jur Beruhigung der Gemuther bei. Aber die erften Sandlungen ftimmten wenig zu den ausgesprochenen Grundfagen. Benn die Berkundigung, bag die Bolle und Auflagen, die doch nut auf Lebenszeit bes Ronigs bewilligt worben, forterhoben werben follten, einiges Bebenten erregte, fo fand biefe Uebertretung ber gefetlichen Beftimmungen eine Entichuldigung in ber Rothwendigfeit ber ununterbrochenen Fortführung bes Staats. lebens und ein Correctiv in der gleichzeitigen Anfündigung, daß die Reichsftande auf ben nachften Dai einbernfen werben follten; aber wie erftaunte man, als wider Gefet und Bertommen fofort in ber Schloftapelle ber Ronigin bie Deffe bei weit geöffreten Flügelthuren gehalten wurde! Incob war ein zu eifriger Convertit, als daß er fich wie bisher mit dem tatholischen Privatgottesbienft in verfoloffenem Raume begnügt hatte; eine folde Burudhaltung mit felten religiöfen Aufichten, fagte er feinen gur Borficht mahnenben Rathen, fei gegen feine Chre und fein Gewiffen. Der fatholifche Gottesbienft wurde feitbem mit allem Prunt im Schloffe hergeftellt, bas Borfpiel ju weiteren Schritten gegen Die Uniformitate. gefete. Der Ronig verließ fich, wie er bem frangofiften Gefandten ausfprach, auf ben Beifeand Ludwigs XIV. für ben Fall, bag ihm aus ber Rundgebung feiner religiöfen Anfichten und Beftrebungen Gefahren erwachfen wurden. Balb brangen Schriften in bie Deffentlichkeit, welche barguthun fuchten, bas Chriftus wur Gine Rirche auf Erben haben tonne, und bas fei bie tomifche, bas eine aus fo berwerflichen Motiben unternommene firchliche Umgestaltung wie die Reformation Beinrichs VIII. nicht wom Geifte Gottes ausgegangen fein tonne. Der Ronig meinte, bie anglotatholifche Rirche tomme ber romifch-tatholifchen fo nabe, bas die Bifchofe leicht bewogen werden tonnten, que Befeitigung bes Schisma bie Bande gn bieten. Aber wir wiffen bereits, bag unter ben religiöfen Rampfen der letten Jahrschnte das protestantische Bewußtfeln bei Rlerns und Bolt gemachfen war, bas man fich ben reformatorischen Betenntniffen bes Beftianbes viel naber fühlte als ehebem. Dies überfah Jacob in feinem Gifer. Die englischen

Ratholiken frohlocken, daß der König ben Muth habe, sich über die Uniformitätsakte wegzusehen; sie sahen darin eine Beranstaltung Gottes, "dem Lichte des wahren Glaubens wieder Bahn zu machen". Habe er erst den Anhängern des Papsithums Freiheit des Gewissens und der Religionsübung verschafft, dann würden bald andere Siege ihrer Kirche nachfolgen.

Einstweilen hatten die Ratholiten die Genugthuung, daß einige Priefter aus dem Befangnis entlaffen murben. Das man ber Confequeng megen auch einige Quater in Freiheit feste, hatte nicht viel zu bedeuten. Bie die Ratholiten verweigerten auch fie ben Suprematseid, aber aus andern Grunden. 3hr großer Prophet Billiam Benn war am Sofe wohlgelitten und verftand die Runft, des Ronigs Bertrauen für fich felbft und feine Glaubensgenoffen ju berwerthen. - In den nachften Tagen wurden die beiben Sauptantlager bei der Papiftenberfcmorung, die allein noch am Leben waren, Dates und Dangerfield, ben Strafgerichten überantwortet. Rach einem Berbor, wobei ber Oberrichter Jeffrens die gange Robbeit und Brutalitat feines Befens entfaltete, wurden beide verurtheilt, zweimal vom Gefängniß bis zum Schandpfahl durch die Strafen gepeiticht und dann auf Lebenszeit in einem dunkeln Rerter in Retten gelegt zu werden. Dates überlebte bie mit der unmenfolichften Graufamteit und Barbarei ausgeführte Strafe, Dangerfield dagegen ftarb nach erlittenen Qualen in Kolge eines Schlags, ben ein royalistischer Fanatiter aus dem Bolt gegen fein Angeficht führte. Selbst der fanfte, wegen feiner driftlichen Tugenden von allen Barteien geehrte Barter, ber einft aus Gewiffenhaftigfeit das ihm angebotene bifcoffliche Amt gurudgewiefen hatte, mußte ein mit Hohn und Schmach verbundenes Gerichtsverfahren über fich ergehen laffen, nach welchem der fiebengigjährige Greis ju einer Geldbufe und Gefangnifftrafe verurtheilt mard.

Lacob unb

Die englische Geistlichkeit fing an unruhig zu werden. Auf den Kanzeln hörte man Predigten gegen den Papismus. Als dies dem König zu Ohren kam, ließ er den Erzbischof von Canterbury und den Bischof von London vor sich bescheiden und drohte ihnen, wenn sie dieser Ungedühr nicht steuerten, so würde auch er sich nicht an sein Bersprechen, die anglicanische Kirche zu schüßen, gebunden erachten. Er werde schon Mittel sinden, seine Absichten ohne sie zu erreichen. Sine außerordentliche Gesandtschaft, die er schon in den ersten Tagen nach Bersailles schickte, um dem König für die Auszahlung der rückständigen Jahrgelder zu danken und ihn zugleich seiner ganzen Hingebung zu versichen, gab Beugniß, wo er diese Mittel zu sinden hosse. Er entschuldigte sich, daß er ohne zuvor den Rath Sr. Majestät eingeholt zu haben, zur Einberusung des Parlaments gesschritten sei, aber er werde schon Sorge tragen, daß die Häuser sich nicht in die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mischten. Der Ueberbringer dieser Botschaft war

fchritten sei, aber er werde schon Sorge tragen, daß die Häuser sich nicht in die John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mischten. Der Ueberbringer dieser Botschaft war John Churchill, der Bruder einer früheren Geliebten Jacobs, ein junger Mann von seltenen Gaben, aber von zweideutigem Charafter und von schmutziger Gewinnsucht. Schön, tapfer, ritterlich war er ein Liebling der Damen und am Hose erzählte man sich manches galante Abenteuer, aber selbst die Frauengunst benutzte er, um seinen Durft nach Gold zu befriedigen. Sein militärisches Talent, das er im hollandischen Krieg entsaltet, hatte ihm die Anerkennung Turenne's

verschafft; seinen Soldaten wußte er zugleich Liebe, Butrauen und Behorfam einjuflogen. Dhne eine Spur wiffenschaftlicher Bildung befaß er doch Gewandtheit für Staatsgeschäfte und eine natürliche Berebsamkeit.

In ben erften Tagen bes Mai erfolgte die Rronung. Jacob wollte bas be- Aronung u. borftebende Parlament mit der gangen Majeftat feiner Burbe eröffnen. Es war Rai 1686. ihm höchst widerwärtig, daß die Ceremonie durch den Erzbischof mit anglicanischen Kirchengebrauchen vollzogen werden mußte. Dem war aber nicht zu entgeben. Dafür hatte er die Befriedigung, daß einige gesetliche Bestimmungen, wie die Communion nach englischem Ritus abgeandert oder ausgelassen wurden und daß der Bischof von Ely in der Krönungspredigt aus Stellen der Heil. Schrift nach. wies, der Ronig ftehe über dem Parlament und habe allein die Miliz zu befehligen. Bald nachber trat bas Parlament zusammen. Erot beißer Bahlfampfe, die an einigen Orten stattgefunden, hatte die Bartei der Tories einen vollen Sieg Roch war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gegen die Anhanger der Ausfoliegungeafte gerichtet. Jacob II. war mit bem Resultate febr gufrieden. Er batte bem frangofischen Gesandten Barrillon gefagt, er febe feine Sicherheit nur in der Biederherftellung der freien Ausübung der tatholischen Religion, in diesem Streben rechne er auf ben Beiftand Ludwigs. Run glaubte er Diefes Biel, momit nach seiner Anficht die Befestigung der königlichen Autorität unauflöslich berbunden war, auch ohne innere Rampfe erreichen ju fonnen. Sing boch aus allen Areisen ber Ration eine Rluth von Lopalitätsadreffen ein, Die fich in Ausbruden von Unterthänigkeit und hingebung überboten. Benn hie und da bei den Bablen Acuberungen gefallen waren, man folle die Auflagen und Steuern nicht wie üblich auf die ganze Dauer der Regierung, sondern nur auf drei Jahre bewilligen, bamit ber König genothigt mare, bas Parlament wieber ju berufen und seiner Reigung zu religiösen Neuerungen Ginhalt zu thun, so erklarten bie Commiffare, daß Jacob fich niemals eine folche Beschräntung gefallen laffen wurde. Lieber wurde er die Berfammlung auflosen und freie allgemeine Bablen anordnen, woran auch die Ronconformiften Theil nehmen durften. Bie batten aber die Bochfirchlichen fich ber Gefahr aussehen mogen, neben Bresbyterianern, Anabaptisten und Ratholiken zu figen! Es war dem König schwerlich mit dieser Drohung ernft, denn Riemand begte tiefern Sag gegen Die protestantischen Diffenters in feiner Seele, als gerade er. Aber die hinweisung auf eine folche Möglichkeit that ihre Birtung. Als in ber Eröffnungsrebe ber Ronig erklarte, bas bas angedrobte Berfahren wenig bei ihm fruchten wurde, verftummte die Oppofition in einem Hause, das fast lediglich aus entschiedenen Royalisten und Episcopalen zusammengesett mar. Die Gemeinen bewilligten bem Ronig auf seine Lebenszeit alle Ginnahmen, welche fein Bruder genoffen hatte.

Und noch willfähriger hatte fich turg gubor bas Barlament in Edinburg Rovaliftifchgezeigt. Seitbem Lauberbale und nach ihm Jacob felbft bas Episcopalipftem Terroriemus und die Souveranetaterechte ber Rrone mit eiferner Despotie in Schottland gur land.

Geltung gebracht, waren die Reichsftande die fervilen Bertzeuge ber Regierung. Rur Episcopale und Ropaliften wurden als Bollburger angeseben und in bas Parlament zugelaffen. In willenlofer Demuth gewährte dasfelbe nicht nur bie Rai 1888. Geldmittel, die der vorige Konig bezogen, in erhöhtem Umfang auf Lebenszeit; Die Mitglieder ertheilten auch ihre Buftimmung zu einem Blutgefes, bas alle Ronconformiften den fchrecklichften Berfolgungen preisgab : jede religiofe Berfammlung, fei es in Privathaufern ober unter freiem himmel murbe mit Tobesftrafe und Güterverluft bedroht. Bugellofe Soldatenbanden durchzogen das Land, um an den ftandhaften Bresbuterianern und Covenanters die emporendften Gewalt. thatigfeiten auszuüben; bie Dragoner bes John Graham von Claverhouse, Die fich felbst mit damonischer Ironie die Namen von bollischen Geistern beilegten, übertrafen an graufamer Robbelt die gespornten Bekehrer in Südfrankreich; Der barbarifchen Erniordung des John Browne, eines armen Juhrmanns von driftlichem Bandel und friedfertigem Ginn, bem tein anderes Bergeben nachgewiesen werben tonnte, als bag er fich bem Gottesbienft ber Episcopalen fern hielt, folgten bald andere Grauelthaten des Fanatismus und ber Ehrannei; ieder Tag fab neue Blutopfer; der bittere Tod trat an die Bresbyterianer in jeder Beftalt beran, Die fcottifche Rirche gablte gablreiche Martyrer beiberlei Befchlechts; benn die Schergen des Ronigs mußten, wie todtlich ber Stuart alle Puritaner haßte; ber Berfolgungseifer galt als Beweis tonigstreuer Gefinnung, befondere feitbem verlautete, daß die englischen Emigranten, die von ben Rieberlanden ane eine bewaffnete Invafton im Schilde führten, Berbindung mit ben Covenantere in Schottland unterhielten. Gegen Diefe "wilden Janatifer und unmenfchlichen Affaffinen" glaubten Die Satelliten bes Stuart'ichen Despotismus und Die Anbanger bes Bralatismus nicht ftrenge genug verfahren zu tonnen.

Schon in der Thronrede hatte Jacob erwähnt, daß der Herzog von Argyle mit einem Haufen verrätherischen Boltes in Schottland gelandet sei und in einer Proclamation den König als Usurpator und Tyrann bezeichnet habe, und die thatträftige Unterstühung des Parlaments gegen die dem Throne und Reiche drohenden Angriffe angerusen. Dieser Aufruf sand bei der royalistisch episcopalen Bersammlung den stärksten Anklang: das Unterhaus versicherte mit Begeisterung, daß es bereit sei dem König gegen alle Rebellen und Berräther mit Gut und Blut beizustehen. Um ihm teinen Berdruß zu machen, ließ man den Antrag, daß er durch eine Proclamation die Gesehe gegen alle Dissenters verschärfen möge, sallen und begnügte sich mit einem Beschluß des Inhalts: "das haus verlasse sich vollkommen auf das von dem König gegebene Wort, daß er die Religion der englischen Kirche, wie sie jest gesehlich bestehe, erhalten und vertheidigen wolle."

Die Emigra- Und sehr bald kam die Gelegenheit, daß die Rohalissen die Betheuerung und Won- ihrer lohalen Gefinnung durch die That beweisen konnten. Unter dem Schrecken mouth, der religiösen und politischen Berfolgungen der letzten Jahre hatten sich viele englische und schottische Gegner des herrschenden Systems durch die Flucht nach den Riederlanden den drohenden Gefahren in der Geimath entzogen. Die Städte

Rotterdam, Utrecht, Saag, Amfterdam bargen offen und insgeheim viele Emigranten aus allen Ständen: aufrichtige Freunde der Freiheit wie Andrew Fletcher bon Saltoun, Sir Patrid hume aus Berwidshire, James Stuart, verwegene ober verschmitte Berschwörer wie Rumbold und Rerauson, geachtete Ebelleute wie Lord Grey. Ihre Hoffnungen waren auf ben Bergog von Monmouth und auf ben Grafen von Arghle gerichtet; bon biefen erwarteten fie ihre eigene Errettung aus dem Elende ber Berbannung und die Berftellung der religiofen und politischen Freiheit des Baterlands. Archibald Campbell, Carl of Argyle, beffen Gefchlecht fo tief in die Schicffale und Bechselfalle feiner Beimath berflochten war, beffen Bater feine Anhanglichkeit für den presbyterianischen Glauben mit einem gewaltsamen Tobe gebüßt hatte, war ber in seinem Sause erblichen religiösen Ueberzeugung auch in den Sagen ber Stuartichen Bwingberrichaft treu geblieben. Er hatte fich geweigert, ben bon Regierung und Parlament gebotenen Eid wider ben Covenant in der vorgeschriebenen Beise zu leisten und wurde beshalb auf Grund feindseliger Gefinnung wider Ronigthum und Staats. firche des Berraths angeflagt und ins Gefängniß geworfen. Unter Beihulfe feiner Lochter gelang es ihm jedoch zu entflieben. Er nahm feinen Aufenthalt auf einem Lanbfit in Bestfriesland, wo er mit eigenen und fremden Mitteln eine Fregatte ankaufte und fich Baffen für Reiterei und Fußvolk verschaffte, in der Absicht bei einiger Aussicht auf Erfolg eine Landung an feiner heimathlichen Kuste zu wagen und die gedruckten Covenanters zum Rampf wider die Thrannei der Stuarts aufzurufen. Er begte teinen Zweifel, daß bei feinem Ericheinen Taufende bon ftreitbaren Sochlandern fich unter feine Sahne fammeln murben. Bie die schottischen Emigranten in Argyle ihren Führer erblickten, so die englischen in Monmouth. Seit seiner Flucht nach bem Rhehouse-Blot lebte ber Berzog im Haag, als Gaft von Bilhelm und Maria. Er trug fich mit ber Boffnung, daß die vaterliche Liebe ibm bald wieder die Rudtehr gestatten murbe. Die Radricht von dem Ableben Rarls II. machte auf fein weiches Gemuth einen überwältigenden Gindrud; in dem anftogenden Gemach hörte die Dienerschaft fein Beinen und Behtlagen. Bilbelm gab ibm ben Rath, an ben Turtentriegen in Ungarn Theil zu nehmen; dazu tonnte er fich jedoch nicht entschließen. Er zog nach Bruffel, wo bald die Versuchung an ihn berantrat. Er lauschte ben berführerischen Borten eines Ferguson und Gren, die ihm vorspiegelten, bei einer Landung in England wurden die gablreichen Freunde, die er fich durch fein leutseliges Befen in den weftlichen Gauen gewonnen, ju ihm fteben. Ihre Reben wurden unterftutt durch bie Stimme ber iconen Lady Wentworth, einer Dame aus einer angesehenen und reichen Familie, mit welcher Monmouth durch bas Band ber beißeften Liebe verknüpft mar.

In Amsterdam, wo die Emigranten sich versammelten, wurde der Plan einer Ansichten gleichzeitigen Indasson in Schottland und England gefaßt; denn wie wenig auch im und Bielen Ganzen die Angehörigen beider Rationen in ihren Ansichten und Bielen übereinstimmten, bie Berftandigeren unter ihnen fahen ein, bas nur ein vereinigtes Borgeben von Gefolgen begleitet fein tonne. Ce wurden Proclamationen mitworfen, die nur in dem Ginen Puntt übereinstimmten, daß fie haß und Beindichaft gegen Papismus und tonigliche Billfürherrschaft athmeten, in allen andern Dingen aber weit auseinander gingen: mabrend bas unter dem Ginfluß presbyterianischer Beiftlichen berfaste Manifeft ber Schotten den herben ftrengen ton der alten Covenantere gegen Gogendienerei und Bralatismus unschlug und neben dem Abfchen gegen ein papiftifches Konigkhum und gegen Bacob II. ben "Apoftuten und Ufurpator" republifanische Tendengen und Ibeen bon nationaler Selbstbestimmung burchbliden ließ; war das englische mehr ber Ausdrud der Bhiggiftischen Staatstheorien, die nicht in einem republikanischen Gemeinwesen, fondern in einer parlamentarifden Berricaft, in einem monarchifden Rechts- und Berfaffungsftaat mit Gewiffensfreiheit und religiofer Lolerang für alle Betenntniffe, mit Aufrechterhaltung ber munieipalen Gerechtsame und ftabtischen Freibriefe, bas 3beal ihrer Doctrinen erblidten. Die fcottifden Berjagten wollten aus ihren Sartei- und Glaubenegenoffen einen "boben Rath" errichten, der den Rem in dem reformirten Rirchen und Staatswesen bilden follte; Monmouth und seine Anhanger bachten nur an bie Durchführung der Shaftesbury'ichen Reformen und wollten die funftige Staatsorganifation und Regierungsform einem freien Barlament zuweisen. Doch begte ber Bergog teinen Bweifel, bas im galle bes Belingens ihm die Rrone gufallen wurde. In ben Emigrantentreifen murben Berabredungen getroffen, bag zu gleicher

Argele's In den Emigrantenkreifen wurden Berabredungen getroffen, bas zu gleicher und faul. Beit im nördlichen England und im füblichen Schottland die Emporung vor fic 2. Mai 1885, geben follte. Um 2. Mai fchiffte fich Argyle mit dreihundert Flüchtlingen und Dienern auf brei Fahrzeugen ein. Rach Art ber Bereinigten Staaten hatte bie Emigrantengemeinde ihm einen Reiegsausschuß jur Geite gefeht. Rach einigen Sagen landete die Flotifie an den Orladen; der beträchtliche Borrath von Baffen und Munition ward in dein von Rlippen umgebenen Schloß Ellangred geborgen; das in Holland vorbereitete Manifest, das der Sohn des Grafen in den Bochlanden verbreitete, rief die Eblen und Bintetfaffen jum Rampf fur Freiben und Religion gegen ben papiftifchen Ufurpator, ber, wie es barin bieß, feinen Bruber getobet habe. Aber ber angebrannte in Blut getanchte Stab, bas alte nationale Rriegszeichen, bas ber Clanhaupfling burch die Meden und Gebirgsborfer tragen ließ, vermochte nur etwa 1800 Hörige unter die Fahne des patriarchalischen Stammhauptes zu führen; ein großer Theil ber Bafallen war auf bie erfte Runde von der Invafion nach Ebinburg geladen und dort unter Aufficht gestellt worben, bas übrige Bergvolt hielt fich fern. Bergebens fuchten bie Emigranten mit ihrer geringen Mannichaft nach bem Unterlande vorzubringen, um ben englischen Infurgenten, Die wie fie hofften in ben nördlichen und weftlichen Grafichaften fich erheben murben, Die Banb ju reichen; Die Eruppen ber Regierung unter ben Grafen von Athol und Dumbarton verlegten ihnen ben Beg und verbreiteten folche Befturgung unter dem fleinen Geerhaufen, daß bie Dannichaften fich aufzulofen begannen. Cochrane und hunne, unverfohnliche Covenanters, benen bes Grafen religiofe und politische Aufichten nicht weit genug gingen, tremmten fich von bem Stammbauptling ber Campbells und machen Streifzüge auf eigene Sand. Bugleich gelang es einigen toniglichen Schiffen, fich ba

verborgenen Rriegsvorrathe zu bemachtigen. Als der Graf die Unmöglichkeit ertounte, fich nach ben Lowlands durchzuschlagen, versuchte er mit einem Baufen getreuer Clammanner fich nach ben beimathlichen Bergen gurudgugieben. Als er aber über einen ber Giegbache fegen wollte, Die burch Moore und Schaafweiden ihren Lauf nach dem Meere nehmen; wurde er trop feiner Bauerntracht erkannt und von ber Landmilig, welche die Ufer bewachte, angegriffen; er wehrte fich mit bem Muth ber Beraweiflung : aber von einem ichottischen Schwert au Boben geichlagen, wurde er befinnungelos jum Gefangenen gemacht und nach Ebinburg Das Tobesurtheil mar ichon früher über ibn gefällt worben; jest Um 30. Juni 1685 machte bas ichritt man ohne Bogern gur Ausführung. Richtbeil feinem Leben ein Enbe. Es war ber zweite Bergag von Arghle, ben bie Stuarts ihrer Radie aum Owfer brachten. Gin ftanbhafter Betenner bes presbyterianischen Glaubens und ein tapferer und ritterlicher Berfechter ber alten freien Berfaffung bes Baterlandes, ging ber erlauchte Clanfürft mit großer Kaffung und gutem Gewiffen in ben Tob, bon ben Covenanters und Batrioten als Martweer betrauert und geehrt. Auch Rumbold, ber Sauptanftifter ber Ripeboufe-Berfcworung, ber mit ihm verwundet und gefangen worden, farb mit bem talten Blute eines alten Solbaten ber Cromwell'ichen Republit. Araplefbire und das Gefdlecht ber Campbells murde pon ber Rache ber fiegreichen Rogaliften und Episcopalen fcmer heimgesucht. Berbeerung, Brand, Sinrichtungen und Berftummelungen nahmen fein Ende.

Babrend biefer Borgange in Schottland war auch Monmouth von Am. Monmouth findam aus unter Segel gegangen. Er war mit Baffen, Munition und Gelb gum Konig ausgerufen. nothbürftig verfeben und nur etliche achzig bewaffnete Emigranten, unter ihnen Gren, Retcher, Fergufon, Babe und ber branbenburgifche Sauptmann Bubfe, bestiegen mit ihm bie Fregatte. Bilhelm bon Dranien batte ihn bergebens aurudzuhalten gefucht; bagegen leiftete bie Stadt Umfterbam bem Unternehmen heimlich Borfcub. Um 11. Juni lambete ber Bergog in Lyme Regis, einer fleinen Safenftadt an ber Rufte von Dorfetfbire und entfaktete feine Fagne mit ber Inschrift: für Religion und Freiheit. Gine von Ferguson berfatte Proclamatish voll beftiger Schmabungen gegen Jacob, ben Thrannen, Morber, Ufurpator und voll Berbeigungen von Reformen im Sinne Shaftesburgs rief bie Sinwohner zum Anschluß auf. Roch war in ber Bevolkerung, zumal unter ben Frenholbers und bei bem Burgerftande Die begeifterte Unbamalichteit ticht berweht, die fie bor funf Sahren bei einem Besuche bein populaten Bergog entgegengebracht hatten: ans ber Gentry und ben Städten, wo die puritanische Religionsrichtung viele Bekenner hatte, ftromten gablreiche Freiwillige zu feiner Rabne, felbft von der Milig, womit der Bergog von Albemarle, Mont's Gabn, von Egeter aus die Rebellen gurudtreiben wollte, ging ein großer Theil gu ben Auffanbifchen über. Rach acht Tagen konnte Monmouth an der Spipe von 5000 Bewaffneten in Caunton einziehen. Begeifterte Jungfrauen brachten ibm felbfi-

chen Burbe. Monmouth glaubte barin die Gefinnung bes Bolles zu erkennen; er ging mit seinen Freunden ju Rath; Ferguson war ber Meinung, er follte ben Rönigstitel annehmen; baburch murbe er ben Abel, ber fich bisber fern gehalten, auf feine Seite zieben; fo lange die gufunftige Regierungsform, beren Enticheis dung der Herzog von dem Parlamente abhängig gemacht, unbestimmt sei, wurben die grundbefigenden Berren aus alter Abneigung gegen die Republit jum Throne steben; wenn aber die Bahl offen sei zwischen Konig Jacob Stuart und Ronig Jacob Monmouth, murben alle protestantischen Bergen zu bem letteren Der Rath entsprach dem Buniche und Gelüften bes Ronigsohnes und fo geschah es, bag Monmouth auf dem Marktplage zu Taunton als Konia 20. Inni ausgerufen warb. Dadurch wurde aber die Partei, die es auf eine parlamentarische Berrichaft abgesehen, fei es in republikanischer Form ober mit einem begrengten Rönigthum an ber Spipe, in ihrem Gifer berabgestimmt und feinen In-

verfertigte Fahnen, die prachtvollfte barunter zeigte die Sinnbilder der konigli-

Rotaliften und Infur

tereffen entfremdet.

Aber noch immer war die Bahl ber Anhanger bes Ronigsohnes groß gegenten, nug, um die Beforgniß der Regierung und des ropalistisch-episcopalen Barlaments zu erregen. In Dorfet und Somerfet, bann weiter nordwarts in Chefbire, wo die alte angesehene Familie Spete für ihn wirfte, maren bie Ronconformiften, die Bhigs, die Egelufioniften, die Refte der Cromwellianer in Bewegung, um fich bei einiger Aussicht auf Erfolg bem protestantischen Gegenkonig augugefellen. Darüber geriethen nun die Cavaliere, die Tories, die ftrengen Anbanger ber Uniformität und bes Episcopalismus in Unruhe und ichloffen fich um is enger an Jacob an. Um dieselbe Zeit, da Monmouth in Taunton als Ronig proclamirt ward, erhob das Parlament eine Rlage auf Hochverrath gegen ibn. fette einen Breis auf feinen Ropf und bewilligte bem Konig eine Beifteuer von 400,000 Bf. St. ju außerordentlichen Bedürfniffen auf funf Jahre, Die burd neue Bolle und Umlagen aufgebracht werben follten. In ihrem ropaliftifc hochfirchlichen Gifer fcmiedeten die Bertreter ber Nation felbft die Retten, mit welchen der Stuart bald genug jebe freie Lebensregung unterband. pungen wurden barauf vertagt; in den Provinzen konnten die loval gefinnten Manner ber toniglichen Sache mehr nuten als in Beftminfter. Die Beweise bon hingebung unter ben Lords und Gemeinen erhöhten bas Bertrauen 3acobs; er erkannte mit richtigem Blid, daß von den ersten Eindruden ber Ausgang abhange, und ergriff geeignete Magregeln, um bie Infurrection rafd ju erstiden, ehe fich bie verschiedenen Clemente bes Biderftands vereinigen konnten. Bahrend er in der Sauptstadt durch Berbeigiehung von Truppen und Berhaftung einiger verbachtigen Bhigs jede Emporung niederhielt, fuchte er augleich ben Fortschritten ber Insurgenten in ben aufgeregten Provinzen zu begegnen. Churchill führte die Regimenter ins Feld, die turz zuvor aus Tanger nach Eng. land zurudgetommen waren, seitbem man fich entschloffen batte, biefe unnust

Mitgift der portugiefischen Konigin fahren zu laffen; Benry Somerfet, Bergog bon Beaufort aus der Familie Borcefter, die ihre Reichthumer und ihre Arme ber toniglichen Sache gewibmet, befette mit ber Landmilig ber westlichen Graficaften bie Stadt Briftol, ebe Monmouth, ber über Bribgewater feinen Bug nach biefer Stadt nahm, bor ben Mauern erfchien; auch Mont-Albemarle berftartte fich mit neuen Landwehrmannern aus Debonfhire. Diefen Streitfraften tonnte Monmouth teine Bortheile abgewinnen; und doch hatte nur ein fiegreides Borgeben die Gegner bes papistischen Ronigs und ber firchlichen Uniformis tat ermuthigt, fur ibn bie Baffen zu ergreifen. Bie follte aber Monmouth, bem es zwar nicht an mannlichem Muthe, wohl aber an Entschlossenheit und ftrategischem Geschick fehlte, mit ben ausammengelaufenen Saufen ungeübter Mannschaften, die zum Theil nur Reulen und landliche Bertzeuge als Baffen führten, gegen ben Abel und beffen Rriegstnechte bas Felb behaupten? 218 Beaufort der puritanisch gefinnten Burgerichaft von Briftol drohte, falls fie bem Beinde die Thore offnen murbe, die Stadt von der Burg aus in Trummer gu ichießen, jog Monmouth, um feine Freunde nicht ins Berberben ju fturgen, wieder nach Bridgewater und nach ber Seefufte ab. Auf dem Bege erfuhr er bas tragifche Schidfal feines ichottischen Berbundeten. Ronnten fich nicht auch in feiner Rabe Leute finden, welche, um ben auf fein Saupt gesetten Breis au berbienen, ihn zu verrathen bereit maren? Sein Gelbstvertrauen schwand immer mehr babin; Dangel an Geld und Rriegsbedarf wirfte lahmend auf ihn und feine Genoffen. Er betlagte fich bitter über bie fchlimmen Rathgeber, welche Soffnungen in ibm erwedt batten, die nicht erfüllt worden. Einmal trug er fich mit bem Blan, mit den Emigranten, die ibn begleitet hatten, nach ben Riederlanden gurudzugeben; die Befährten, die fich in England angeschloffen, tonnten bann von bem Generalpardon Gebrauch machen, ben ber Ronig allen benen bargeboten, welche die Baffen niederlegen wurden. Aber diefes Borhaben murde von Greb als feig und ehrlos befampft: judem waren bie Fahrzeuge, die jur Ueberfahrt gedient hatten, in die Bande Albemarle's gefallen.

So blieb benn nichts übrig als die Entscheidung der Bassen zu suchen; nur Treffen bei Sebgemoor. ein muthiges Borgehen konnte dem Prätendenten neue Streiter zuführen. Auf der Ebene von Sedgemoor, drei Meilen von Bridgewater standen etwa viertausend Mann königlicher Truppen unter Lord Feversham, einem Nessen Turenne's in einem schwach verschanzten Lager. Auf dieses richtete Monmouth, nach dem er von dem hohen Kirchthurm der Stadt herab die Beschaffenheit des Bodens erspäht, einen nächtlichen Angriss. Das Unternehmen schien zu gelingen: Wenn Muth 6. Inti 1688. und persönliche Tapferkeit hingereicht hätten, so wäre der Sieg dem Gegenkönig und seinen kühn vordringenden Kampsgenossen zugefallen: allein die armseligen Wassen der Insurgenten, die unbehülsliche Neiterei mit Pferden, die nur an Feldarbeiten gewöhnt waren, und die strategische Unfähigkeit des Neiteransührers Grey

verschafften schliehlich ben Roniglichen ben Sieg, fo wenig auch ber ftuperhafte frangofische Unführer fich feiner Aufgabe gewachsen zeigte.

Bu biefem Sieg hat Riemand mehr mitgewirtt als Beter Dem Bifchof bon Binchefter. In feiner Jugend hatte er die Baffen für Rarl I. gegen das Barlament getragen und weber die Jahre noch fein Beruf hatten feinen triegerifden Geift ausgelofcht. Sein rechtzeitiges Gingreifen mit einigen Ranonen, die er mit feinen eigenen Pferden berbeigeführt batte, trug mefentlich jur Entscheidung bei.

Ausgang bes Roch fanhpften die fraftigen Wauern aus Suncepengie unt wert anne Benneuth, an dem glucklichen Benneuth, und Rolben wiber die königlichen Eruppen; als Monmouth, an dem glucklichen Ansgang verzweifelnd, ein Ros beftieg und bom Schlachtfeld wegritt. Run wichen auch die Insurgenten; aber bis ans Ende hielten die Rohlengraber von Mendip taufer au ihren Kahnen und verkauften ihr Leben theuer. Dies war die lette Relbichlacht auf englischem Boben; feitdem bat bas Land ein anderes Ansfeben erhalten : wo jest fruchtbare Rornfelber und Aepfelbaume prangen, waren bamals noch weite Moor- und Baibestreden. Dennoch bat fich die Erinnerung an bas nachtliche Treffen und an bie fchredlichen Bolgen bis zur Stunde bei ber Bevollerung erhalten. Der Rame des Oberft Bercy Rirte, ber bie Runft bes Morbens bei ben Barbaren in Tanger gelernt hatte, blieb in Bridgewater und Taunton unvergeffen. Bahrend bie Sieger auf bem Schlachtfelbe zechten und fangen, wurden bie trauernden Einwohner gezwungen, die Gefangenen an Salgen auf. gufnupfen, die Todten zu viertheilen. Monmouth floh nach Sampfhire, begleitet von Gren und Bubfe, in ber Abficht die Seefuste gu erreichen und nach ben Rieberlanden gurudgutehren. Bie einft fein Bater nach ber Schlacht bei Borcefter verbarg er fich bor ben umberftreifenden Berfolgern, bie ben Breis von 5000 Livres gewinnen wollten, in Kornfelbern und Bufdwert, bis er trot bes Birtentleibes, in bas er feine Glieber gehüllt, erfcopft bon hunger und Ermubung und entfiellt burch Schmut in einem bon Farrentraut und Gebuich aberbecten s. Juli 1685. Graben aufgefunden und als Gefangener nach London geführt ward, nach berselben Stadt, wo er als Ronig einzuziehen gedachte, wo er fo viele Freunde und Befinnungsgenoffen gablte. Dabin wurden auch feine beiben Begleiter, Die man ichon borber entbedt batte, gebracht. Im Rerter entfant bem Bergog, ber nicht bon fo ftartem Metall mar wie Arghle, ber Muth; ber verwöhnte Liebling bes hofes und einer wandelbaren Menge vermochte nicht mit Feftigfeit bem Lobe ins Auge zu bliden. Er schrieb an ben Konig einen bemuthigen Brief, in bem er feine Reue über fein Unternehmen aussprach und die Schuld auf fchlimme Rathgeber ichob; er bat ben Obeim in Maglichen Ausbruden, bag es ihm geftattet werbe bor fein Angeficht zu treten; er habe ihm wichtige Mittheilungen gu machen. Jacob II. war entschloffen, ben Befangenen, ber in seinem Manifeit Die ärgsten Schmähungen und Beschuldigungen über ihn ausgeschüttet, ber ibn feiner Krone, vielleicht feines Lebens zu berauben getrachtet, bem Tobe ju weihen; bennoch war er graufam und unmenschlich genug, die erbetene Audienz zu gemabren und baburch in bem Ungludlichen die Hoffnung auf Gnabe'ju weden. Er mochte Enthullungen erwarten, die feiner Rachfucht neue Opfer geliefert batten. Die Sande auf den Ruden gebunden trat Monmouth por ben Obeim: er warf fich por ibm auf die Erde, er beschwor ibn, aus Rudficht auf das Stuart. ide Blut, bas auch in seinen Abern rolle, Mitleid zu haben; er bat flebentlich um sein Leben; er gab sogar zu verstehen, daß er geneigt sei, fich mit der tathalijden Rirche auszusöhnen. Der finstere Monarch blieb unbewegt. "Sire! ift für mich keine Rettung?" Jacob wandte ihm schweigend ben Rücken. Da erft erwachte wieder bas Bewußtfein feiner Mannesmurbe. "In gitternder Saltung war er gekommen; mit festen Schritten ging er bon bannen." Alle fpateren Berjude, durch Bermendungen und Kursprachen Gnabe ober menigstens Aufschub ber Todesftrafe zu erlangen, blieben erfolglos; Monmouth follte fein Berbrechen mit dem Leben bugen. Bwei Bifcofe erhielten den Auftrag, ibn gum Tode poraubereiten. Sie ftellten ibm bor, daß er durch feine Emporung gegen ben Ronig und durch fein Busammenleben mit Benriette Bentworth fich gegen Gottes Gebote vergangen babe. Er fagte, daß er fein Unternehmen wegen des dabei bergoffenen Burgerblute bereue, aber meder wollte er zugeben, daß jeder Biderftand gegen die Obrigteit unerlaubt fei, noch tounte er babin gebracht werden, die Berbindung mit Lady Bentworth, Die er als eine Gewiffensche aufah im Gegensat au der conventionellen Beirath feiner Jugend, für fündhaft zu erklaren. Lieber wollte er auf Abjolution und Sacrament verzichten und der unmittelbaren Gnade Bottes feine Seele empfehlen. Sein Tob mar ichredlich. Schon barnieberliegenb erhob er fich noch einmal, um das Beil zu prufen; es schien ihm nicht scharf genug; und wirklich mußte ber Rachrichter fünf mal zuhauen, ebe das Saupt bom Rumpf getrennt ward. Biele Thranen folgten bem mobimollenden leutfeligen herrn ins Grab; er murbe als Marthrer bes protestantischen Glaubens betrauert. Im nachften Jahr ftarb auch Benriette Beutworth an gebrochenem Bergen.

Rach ber Sinrichtung bes ungludlichen Ronigsohnes folgte ber Terrorismus Jeffrens und der Blutgerichte und des Justigmordes in der emporendsten Gestalt. Man muß Affien. bei Macaulan die Darstellung der Hochverrathsprozesse lesen, welche in den westlichen Grafichaften burch ben unmenschlichen Oberrichter Jeffrens veranftaltet wurden, um fich einen Begriff zu machen von den "blutigen Affisen", die in der Seichichte menschlicher Brauelthaten eine ber hervorragenosten Stellen behaupten. Ein Mann ohne Berg und Bewiffen, der von Jugend auf mit leidenschaftlicher Parteiwuth der Reaction gedient, der durch die Sohlen des Lafters gewandelt. unter den Ranten und Chicanen eines gottlosen racherfüllten Geschlechts alles Befühl von Menschlichkeit und Berechtigkeit in feiner Seele erstickt batte. 200 Irffreps durch die Städte und Landschaften bon Hampshire, Dorset, Somerset, um bon Soldaten und Schergen unterftutt mit Richtbeil und Bentern nicht nur die Theilnehmer und Forderer bes Aufruhrs zu fällen, fondern gegen alle Bhigs

und Diffenters ju muthen. Es genugte ibm nicht, die Angeflagten, Gefchwornen und Beugen burch Drohungen einzuschüchtern, er fügte zu bem Schrecken noch ben Sohn, er wendete bei dem Berbore Schmabungen und Schimpfreden an, er verschärfte die Strafurtheile durch Brutalitat und barbarische Robeit. Dabei fcanbete er fich burch Orgien mit Bechgenoffen und Bublerinnen und benugn fein Strafamt zu eigennütiger Bewinnsucht für fich und feine Gefellen. leid und Sulfeleistung fur Bedrangte und Berfolgte murde fur Theilnahme an bochverratherischen Sandlungen erffart und führte ju Rerter und Sinrichtung. In Binchefter mußte die Bittwe bes ehemaligen Parlamentsgliedes John Liste, eine allgemein geachtete Matrone, bas Schaffot besteigen, weil fie zwei Bluchtlinge in ihrem Saufe beberbergt hatte; in Somerfetsbire, dem Sauptichauplat bes Aufruhrs übten bie Benter ihr Blutgeschaft in folder Ausbehnung, daß bie Luft mit Leichengeruch erfüllt war und jeder Bindzug die mit Retten beladenen Berippe ertonen machte. Go' wurden durch die "blutigen Affisen" in turger Bei: über breibundert Schuldigbefundene hingerichtet, über achthundert in engen Schifferaumen nach ben überseeischen Besitzungen geschafft, um bort ju Sclavenarbeiten vertauft zu werben. Dann folgte bas Befchaft ber Gutereinziehung und bes Gnabenvertaufs, wobei Babfucht, Barte und Parteiwuth Sand in Sand gingen. Gelbft die Hofleute, felbst die Ronigin und ihre Damen trugen feine Scheu fich burch Blutgeld zu bereichern. Diefem Durft nach Gold verbantten einige Insurgentenführer, die wie Bret und Cochrane reich genug maren bie Sabgier ber Machtigen ju befriedigen, ihre Rettung, mahrend minder Begutern mit ihren Leben bußten. Ferguson enttam nach dem Festlande. Ronig Sacob erzählte die Erfolge des "Reldzugs" feines Lord-Oberrichters im Beften in einer Beife, bag bie fremden Gesandten beim Boren erblagten. Und als nun biefer Mann bon bem Schauplage feiner Unthaten nach London gurudtehrte, legte ber Monarch bas Reichsfiegel in feine Sande. "Des Ronigs Berg ift barter als ber Marmor feines Ramins" fagte einft Churchill zu einem Bulfeflebenden. Es mar die treffendste Bezeichnung.

#### 7. Katholifche Reactionspolitik.

Anfahe jum Abfolutis-

Rach ber Bewältigung ber englisch-schottischen Rebellion stand Jacob II.

mus. auf bem Höhepunkt seiner Macht. Whigs und Dissenters lagen im Staube;
im Parlamente herrschten die Tories und Spiscopalen, die dem König während
ber bürgerlichen Aufregung so große Beweise von Treue und Hingebung dargeboten, die Richter waren seine Sclaven; der Aufruhr hatte ihm Gelegenheit gegeben, die Landarmee zu vermehren und viele katholische Ofsiziere darin anzustellen, die Subsidien, welche die Liberalität des Unterhauses gewährt, die Hülfsgelder, welche Ludwig XIV. immer noch fortzahlte, um England den continentalen Mächten zu entfremden, sesten den Stuart in Stand, die verstärkte Rriegemacht zu unterhalten. Das ftebende Beer von 15000 Dann Fugvolt und 4000 Reitern follte ibm bie Moalichfeit ichaffen, fich ber Gefete au entlebis gen, Die Rarl II. jur Beidrantung ber Ratholiten und ber toniglichen Bratogative hatte erlaffen muffen. Unter biefen ftand in erfter Linie die Teftacte, welche alle, die nicht zur anglicanischen Rirche gehörten, von den bürgerlichen und militarifchen Memtern ausschloß; neben biejem verhaßten Uniformitätsftatut, bem Bacob felbft einft hatte weichen muffen, war ihm besonders die Babeascorpusatte ein Dorn im Auge. Mit einem folden Gefet, fagte er, tonne feine Regierung bestehen. Allerdings mar es diefem Schutgefet ber perfonlichen Freiheit zu banten, bag bie Blutgerichte fich nicht noch weiter erftredten, bag nicht bie gange Oppositionspartei in ben Rreis ber Mitschuldigen hereingezogen murbe, indem viele Berdachtige ober Bedrobte die Bobltbat ber Burgichaftfrift benutten, um Beweise für ihre Unschuld zu sammeln. Jacobs Streben mar alfo babin gerichtet, eine stebende Armee unter auberlaffigen Führern an die Stelle ber Landmilig au feten und mit beren Gulfe die unter ber Berrichaft ber Bhige erlaffenen Parlamentoftatuten umzufturgen. Auf diese Beise gedachte er die romifch-tatholische Rirche, au ber er fich felbft, feine Gemablin und ein großer Theil bes hofes befannten, aus der unwürdigen Erniedrigung ju bem ihr gebührenden Rang ju erheben und die Teffeln der toniglichen Dachtfülle ju gerreißen. "Bene Spring. fluth ber Reaction, welche ibm felbst ben Weg zum Throne bereitet, suchte er mit gewandter Kriegelift auch zur Umbildung ber Berfaffung zu verwerthen".

Serade damals gelangte die Rachricht von der Revocation des Colifts von Rantes Arocation nach England und regte die Semüther mächtig auf. In den hoffreisen bewunderte bes Arocation man die Energie des glaubenöstarten Monarchen jenseit des Kanals und begrüßte die von Rantes. Maßregel mit lautem Beisall; bei der englischen Ration dagegen, selbst in den Reihen der hochtirchlichen Unisormitätsgläubigen sah man mit Bestürzung und Unwillen auf diesen Att brutaler Sewissenstyrannel. Die hugenottischen Flüchtlinge, welche auf englischem Boden eine Busluchtösstyrannel. Die hugenottischen Flüchtlinge, welche auf englischem Boden eine Busluchtösstätte suchen, sanden eine hülstreiche Aufnahme. Der Bischof von London, henry Compton widmete den Ankömmlingen eine Fürsorge, als ob sie die nächken Slaubenöverwandten wären. Es erregte das größte Aussehen, daß der Bischof von Balence in einer Dantrede an Ludwig XIV. wegen Austrettung der Arheret die Ermahnung beisügte, der Allerchristlichste Monarch möge dem englischen König seinen starten Arm zur Durchsührung ähnlicher Maßregeln leihen. Die ersten Stuarts waren die Berbündeten der Hugenotten gewesen; welche Wandlung war jest eingetreten!

Run sehte König Jacob II. ein politisches Spstem ins Wert, welches nicht Die neue Camarilla. nur die religiöse Rechtsungleichheit beseitigen, sondern dem Romanismus mit der Zeit die Herschaft verleihen sollte. Selbständige Männer wurden vom Regimente, entfernt: Halifax, welcher die bestehenden Gesetze gegen die königliche Willfür in Schut nahn, mußte seine Aemter niederlegen und aus dem geheimen Rathe ausscheiden. Bei der Mittheilung dieser Entschließung erklärte Jacob den Mitgliedern, "daß er in seinen Geschäften fortan Niemand dulden, sein Bertrauen Riemanden schenken werde, der in Reinungen und Absichten nicht voll-

tommen mit ibm übereinftimme". Salifar war einft ber heftigfte Begner der Unsichließungsbill gewesen; aber folde ber Bergangenheit angehörenden Berdienfte fanden jest feine Geltung. Albemarle mußte fein Commando niederlegn, weil er bem Lord Reversham, von dem der Bollswiß fagte, er habe die Schlacht von Sedgemoor im Bett gewonnen, fich nicht unterordnen wollte. Manner ohne Charatter und Grundfage, wie der gemiffenlofe Jeffreys, wie Lord Sunderland, ber burch völlige Singebung feine frühere oppositionelle Saltung in Bergeffenhit au bringen fuchte, ftanden an der Spite ber Regierung. Reben ihnen genof der habfüchtige ehrgeizige Jesuitenpater Edward Petre aus einer angesehenen englischen Familie die Gunft und das Bertrauen bes Ranigs. Er war die Seele der fleinen Gefellschaft eifriger Ratholiten, eines Arundel, Bowis, Castlemain, Lord Dover, mit welcher ber Ronig die religiofen Angelegenheiten besprach. Als Jacob auf ben Rath Rochesters einmal ben Plan einer Defenfiv-Allianz mit Holland in Er magung zog, wußte Sunderland bas Borhaben zu vereiteln; bafur lief Lubwig XIV. bem burch Spiel und Berschwendung stets geldbedürftigen Edelmann eine Rente von 25,000 Rronen juweisen. Und bald murbe Rochester selbst von feinem unerbittlichen Schwager feines Schatzmeisteramtes enthoben. Er theilt bie Ungnade ber protestantisch gefinnten Matresse Jacobs, der gur Grafin bon Dorchefter erhobenen Ratharina Gebley, welche die leidenschaftliche Ronigin Maria d'Efte mit Bulfe bes Beichtvaters ihres Gemable vom Sofe verdrangte.

Ronig und Barlament.

Um 9. Robember 1685 wurden die Situngen bes Varlaments von Reuem eröffnet. Bir wiffen, wie loval die fast ausschließlich aus Tories ausammengefeste Berfammlung gefinnt mar. Es ftand ju erwarten, daß die Mitglieder mit freudigem Dant aus bem Munde des Ronigs die gludliche Bewältigung der Ro bellion bernahmen. Auch war bas Unterhaus bereit ben geforderten Debrauf wand für das stehende heer zu bewilligen, fo wenig auch eine folche Reuerung ben englischen Traditionen entsprach. Bohl erregte es einiges Bedenken, als Jacob in der Eröffnungerede erklarte, daß er im Widerspruch mit der Teftakt eine Angabl tatholifcher Offigiere in der Armee angestellt babe und entschlossen fei, fie noch ferner in ihren Stellen gu erhalten, bamit wenn eine neue Rebellion ausbräche, er Leute habe, die ihre Treue burch aute Dienste bewährt hatten. Aber felbft diefe durch den Drang der Umftande entschuldigte Gefetesübertretung wollte man hingeben laffen, falls fich ber Ronig entschließen konnte, die Angestellten fofort zu entlaffen ober nachträglich bei bem Parlamente um Difpenfation nachzusuchen. Denn eine von ber gesetzgebenden und ausführenden Gewalt gtmeinschaftlich getroffene Bestimmung durfe doch nicht einseitig von dem Ronig übertreten werden. Mit der größten Devotion brachte bas Unterhaus feine Borftellungen bor ben Ehron; allein Jacob wollte den erften Schritt ber eigenmad. tigen Umgehung bes ihm fo verhaften Gefeges nicht unvollendet laffen; er wies bie Deputation in ftolger felbftherrlicher Saltung mit einer unbeftimmten Anttwort ab; und als auch im Oberhaus fich die Reigung jum Biderftand fund

gab, als ber ermabnte Lordbifchof Benry Compton von London, beffen Bater einft fur Die tonigliche Sache fein Beben gelaffen, icharf und flar barlente, bas, wenn man nicht bon born berein dem Gindringen des Antholicismus Wiberftand leifte, "bas burch die Gefete eingebeichte Gebiet bes Protestantisinus bald von der fatholischen Beltmacht wie von einer großen Bafferfluth durchbrochen werden wurde"; ba beschloß Jacob II. dem Beispiel bes Bruders folgend nach elfthaiger Dauer die Sitzungen auf den 10. Rebruar zu vertagen. Er wollte ber 20. Rov. Rrone bas Recht beilegen, eigenmächtig von ftatutarifchen Jeftfepungen zu bispenfiren, um auf biefem Wege feine tatholifchen und abfolutiftischen Entwürfe burchauführen. Lieber entbehrte er die bewilligten Subfidien, als daß er von diefem Borbaben abgestanden mare. Benn er erft von bem Dispenfationsrecht fattifch Gebrauch gemacht, die Ratholiten in den Befit gewiffer Recht gefett baben wurde, meinte er, fo wurde fic bas Barlament in den Thatbeftand leichter finden. Darum verlangerte er auch nach Ablauf bes Termins die Bertagung aufe Rene. Er wat fich wohl bewußt, daß er fich in einen schweren Rampf einließ, aber bie Gache war feinem Bergen zu theuer. Dem Bevollmächtigten bes Bapftes, ber um jene Beit bei ibm eintraf, fagte er: "er miffe, bag er ein großer und gludlicher Ronig sein tonne, wenn er es in Bezug auf bie Religion beim Alten laffen wollte; aber er meine, daß das gegen seine religiofe Bflicht laufen wurde". Bu Andern fagte er: "nachdem ihm Gott bie Gewalt gegeben, wolle er fie jur Behauptung und Forberung feiner Religion anwenden".

Beitbem Jacob fich bes Parlaments entledigt, legte er mit bem ihm eigenen Die Ber-Starrfinn Band an die Durchführung feines Planes. Gelbst bie entschiedenften Ronigs und bas Difpens-Tories errotheten, wenn fie auf die Manner blidten, die bes Konigs Bertrauen fationerecht. befagen, einen Arundel of Barbour, "ber mit rafchen Schritten ber zweiten Rind. heit entgegeneilte", einen Carl of Cafflemain, ber feinen Rang als Breis ber Schande feiner Gemahlin, ber Herzogin von Cleveland, erlangt hatte, Jermyn Lord Dover, beffen Berdienste nur in feinen Liebesabenteuern mit Sofbamen bestanden, einen Richard Talbot Carl von Tprconnel, der ein Leben von Chrlosiamit und Frevelthaten durch fanatischen Papismus auszugleichen bemubt mar; fogar eifrige Ratholiten, benen über ben firchlichen Intereffen nicht alles Gefühl für Recht und Gerabheit verloren gegangen war, faben mit unruhigem Gemuthe auf die Mittel und Bege, welche ber Ronig und feine Satelliten zur Untergrabung der Gesetze und Rechte in Anwendung brachten, auf die Thaten der Hinterlift und Gewalt, womit man den koniglichen Abfolutismus und die katholische Rechtglaubigfeit in England burchzuführen fich anschickte. Bunachft galt es bent Dipensationerecht Geltung zu verschaffen. Bu bem 3wed erhielten latholische Offigiere in der Armee ein Patent unter bem großen Siegel, welches ihre Berson von den gefehlichen Bestimmungen gegen ihre Glaubensverwandten ausnahm. Dann wurden mit Bulfe Jeffrens' die boben Gerichtsbofe von widerftrebenden Clementen gereinigt; alle welche nicht erklaren wollten, daß der Ronin von England bas

Recht habe, von den Gesethen zu dispensiren, sei es aus Rechtsfinn ober ans Schen bor funftiger Berantwortlichkeit, wurden ihrer Stellen enthoben und burd bienstwilligere Rechtsmanner erfest. Denn die Befugniß, Richter ju ernennen und bom Amt zu entfernen, gehörte zu ber Brarogative der Rrone. Darauf wurde Juni 1886. von dem Lordoberrichter eine Commission von zwölf Auslegern der Gesetze einberufen, um ein entscheidendes Sutachten über das Dispensationsrecht abzugeben. Behn erflarten, es ftebe in ber Dacht bes souveranen Ronigs bon England, in gewiffen Fällen von den Reichsgeseten zu difpenfiren; die Gefete von England, argumentirte man, feien Befete bes Ronigs, fo habe man fie bon jeber betrachtet; folglich ftebe es in feinem eigenen Ermeffen, Ausnahmen zu geftatten. 3wei widersprachen und buften beshalb ihre Stellen ein. Und nun murden jugleich Schritte gethan, bem neuen Kronrecht praftifche Folge ju geben. Gegen ben tatholischen Oberft Sir Edward Sales wurde Rlage wegen Uebertretung bei Tefteibes erhoben : er berief fich auf bes Ronigs Difpensationspatent, und fein Bertheidiger bewies, daß der Dienft des Fürsten eine Pflicht sei, auf welche fein parlamentarisches Statut einwirken konne. Sales murbe freigesprochen.

Schritte jur Der König hatte gestegt; das Dispenjationsremt wur ver ereint Der Rönig hatte gestegt; das Dispenjationsremt wur ver ereint Bedatholifis rung Enge Entscheidung zugesprochen und Jacob beschloß, dieses große Privilegium zum Borthal lands.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auszunugen. Mit dem Eiser eines Missionars und dem Troge aufgabe anfah. Der Bapft hatte einen Botfchafter nach London gefchidt; nun etwitberte Jacob die Aufmertfamteit durch eine Gegengefandtichaft; er gestattete den tatbe lifden Cultus und veranlagte den Gefcaftstrager des Rurfürsten von der Bfalg mitten in der City eine Rapelle einzurichten, in welcher die Ratholiten der Stadt der Defe anwohnen tonnten; er gemahrte ben Jefuiten und andern Ordensbrudern fichern Aufenthalt im Reiche, beforderte Befehrungen durch Anstellungen und andere Bortbeik, ließ Geiftliche, die jum romifchen Glauben übertraten, im Befige ihrer Bfrunden, Der lich Bisthumer, die in Erledigung tamen, an Pralaten von zweifelhafter Rechtalaubigteit oder zweibeutigem Charafter. Die Ausficht auf irdifden Lohn, auf Memter und Chrenftellen verfehlte ihre Birtung nicht bei ben Schwachen und Leichtfinnigen, Die Berführung war ju lodend und bas Beifpiel von Oben gab Manchem Scheingrunde gur Befcmichtigung feines mahnenden Gewiffens. Bir miffen, daß alle, die unter ber vorhergebenden Regierung wegen Berweigerung des Suprematseides in Saft gebracht worden, ihre Gefängniffe verlaffen durften, darunter auch einige Quater und proteftantifche Diffenters. Damit aber nicht die Meinung auftommen mochte, als ob be Ronigs Berg auch mit diefen Mitleid empfande, feine Tolerang fich weiter als über bie Grengen ber romifch-tatholifden Rirde erftrede, gab er Befehl, bag bas frangofifde Buch bes Sugenotten-Geiftlichen Bean Claude über Die Berfolgungen der Proteftanten in Frantreich burch Bentershand öffentlich berbrannt werden follte; und ba er nicht verbindern tonnte, daß in den englischen Rirchen Collecten jur Unterftugung der flud. tigen Glaubensbermandten veranstaltet murben, fo fuchte er die Bertheilung der Beitrage baburd zu erschweren, daß er den Uebertritt zur anglicanischen Religion als Bedingung bes Empfanges auferlegte. Alle diefe Magregeln brachten indeffen nur geringe Eriumphe. jumal ba die englische Seiftlichkeit burch die brobende Sefahr auch ihrerfeits ju großeren Sifer aufgestächelt ward und ohne Unterlas von den Kanzeln berab und in den Kak-

hisationsstunden die Rahnung an die Berfammelten richtete, "fest zu halten an dem protestantischen Glauben und fich nicht bon ben Brrthumern bes Bapfithums umgarnen ju laffen". Die bon papiftischer Seite mehr und mehr hervortretende Anftrengung, die romifch-tatholifche Rirche als die allein mabre barzustellen, forderte die Gegenpartei Die Controverspredigten murden immer lebhafter; ber jum Biberipruch beraus. Ffarrer von St. Giles in London, John Sharp, ein fehr geachteter Aleriker, bon anertannter Lopalität, bewies in einer Rangelrede, daß die anglotatholifche Rirche als die wahrhaft apostolische ju betrachten fei, und entwidelte ben Begriff ber Ratholicitat nach ber Auffaffung ber bifcoflicen Sochftree. Diefe oppositionellen Rundgebungen des englischen Rierus reigten ben Ingrimm bes Ronigs. Sollte er bulben, daß man eine Rirdenlebre, qu ber er fich felbst bekannte, bes Brethums zeihe? Er ftellte baber an bie Oberhaupter der Geiftlichkeit die Forderung, daß fie alle Controverspredigten, in welchen die Doctrinen der tatholifden Rirche angefochten murden, verbieten follten. Sein Born richtete fich in erfter Linie gegen den Bischof von London. Er hatte gleich nach ber Bertagung bes Barlaments, wo ber Bralat an ber Spipe ber Opposition bei ben Lords geftanden, benfelben aus bem geheimen Staatsrath ausgeschloffen und ihm alle weltlichen Nemter entzogen ; jest gebachte er ihn auch aus seiner tirchlichen Stellung ju berdrangen, weil er nicht unbedingt den königlichen Befehlen gegen die Beiftlichen ber hauptftadt Folge leiften, insbesondere den Dr. Charp nicht ohne Berbor und Untersuchung bon seinen pfarramtlichen Berrichtungen suspendiren wollte. Um ju biefem Biele ju gelangen, ftellte er fich auf ben Standpuntt der anglicanischen Staatsfirchenlehre, wonach der Ronig jugleich das Oberhaupt der Rirche war und somit von dem gesammten Alerus unbedingten Gehorfam fordern burfte. Ein anderer Sinn tonnte doch dem jur Prarogative der Krone gehörenden Supremat nicht beiwohnen. Und fo ereignete fich benn bas mertwurdige Schauspiel, daß ein tatholischer Ronig im Intereffe ber römisch-tatholischen Rirche ein Recht in Anspruch nahm und übte, bas nach ben Grundlehren diefer felbigen Rirche eine arge Gunde und Regerei mar, bas er als oberfter Bifchof fich Sandlungen ju Gunften des Papismus gestattete, welche vom Standpuntte bes romifden Brimats als ein unerträglicher Gingriff in die oberhirtlichen Rechte bes Rachfolgers Betri, in die hohenpriefterliche Autorität des Bontificats erscheinen mußten. Sacob erflarte offen, fagt Macaulay, "das durch eine weife Fugung der Borfebung die Alte über den Supremat das Mittel fein murde, den verbangnisvollen Bruch zu beilen, ben fle hervorgebracht; Beinrich und Elisabeth hatten fich eine herrschaft angemaßt, welche rechtmäßig dem beiligen Stuble gebore; diese Herrschaft ware durch den Sang bes Erbfolgerechts auf einen rechtglaubigen gurften getommen und fei bon diefem für ben beiligen Stuhl auszunben. Er fei burch bas Gefet ermachtigt, firchliche Migbrauche abzuschaffen, und der erfte firchliche Digbrauch, ben er abschaffen werde, sei die Freis beit, welche die anglicanische Beiftlichkeit fich herausgenommen batte, ihre Religion ju bertheidigen und die Lehren Roms anzufeinden".

Dieselbe Institution also, durch welche einst die Trennung der anglicanischen Erneurung Kirche von dem Papsithum vollzogen worden, sollte jest zum neuen Bunde mit Commission. der Eurie gebraucht werden. Zu dem Zwed übertrug der König die oberkirchliche und summepiscopale Autorität, welche ihm traft des Suprematgesetzes einswohnte, auf einen Oberkirchenrath von sieben Mitgliedern, welcher zugleich die Int 1666. geistlichen Besugnisse, die einst Heinrich VIII. seinem Generalvicar Thomas Cromwell zugewendet (X, 582 ff.), mit der Gewalt der "Hohen Commission" unter Clisabeth vereinigen sollte, ein höchstes Inquisitionstribunal mit unbe-

#### 526 B. Die letten Jahrzehnte bes 17. Jahrhunderts.

forantter Macht in allen geiftlichen Angelegenheiten. Un ber Spipe biefer aus brei Pralaten und vier weltlichen Staatsmannern gufammengefesten oberfirchen. rathlichen Commission stand ber Lordfangler Jeffreys; neben ihm befaß Gunberland den größten Ginfluß. Der Erzbischof Sancroft wohnte ben Sigungen nicht bei, bie zwei andern Bischofe maren fervile Geschöpfe, bei benen ber Chrgeis bie Bifdof religiofe Gefinnung überwog. Die erfte Handlung biefes neuen Kirchenregiments, fulpenbirt. bas weniger ein Glaubenstribunal als einen Disciplinargerichtebof vorftellte, war die Untersuchung gegen Bischof Compton wegen Ungehorsams gegen das königliche Bebot. Die Meinungen waren getheilt; aber Jacob, bem die Commiffion die Enticheidung anheimstellte, sprach fich fur die Suspenfion aus; bie Saule ber Opposition bei Rlerus und Abel follte gefallt werden. Darauf wurden bem Bifchof Compton alle firchlichen Functionen entzogen und die Berwaltung seines großen Sprengels feinen beiben geiftlichen Richtern, Crewe von Durham und Sprat von Rochester übergeben. Benry Compton jog fich nach bem bifcoflichen Landfit Kulkam gurud, wo die Fruchte seiner botanischen Studien noch heute fichtbar find.

Religiöfe

Bahrend gegen die reformatorifchen Regungen eine inquifitoriale Gewalt gefchaffen Mufregung. murbe, etwiefen ber Ronig und Die Bollftreder feiner Befehle eine bewunderungswurdige Rachficht gegen bie papistischen Ucberfchreitungen. Ratholische Giferer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Standes übertraten in tropigem Siegesbewußtfein bie firchlichen Sandesgefebe, ohne fich durch den Unwillen des Boltes, ber fich bie und da in tumultuarischen Auftritten Luft machte, einschüchtern zu laffen. "Ratholifche Rapellen erhoben fich im gangen Lande; Capugen, Gurtelftride und Rofentrange zeigten fich allenthalben in ben Strafen jum Grftaunen einer Bebolterung, beren altefte Glieber Die Hofterliche Rleibung nur auf der Buhne geschen hatten, ein Rlofter entstand zu Clerkenwell an ber Stelle de Miten Rloftere St. Ishann ; Die Frangiscaner nahmen Befig von einem Gebaube in Lincoln's Inn-Felbern; die Carmeliter festen fich in der City kft; einer Gefellichaft ben Benebickinermonden ward eine Bohnung im St. James-Palaft eingeraumt; in bem Savoy warb ein geraumiges haus mit einer Rirche und einer Schule fur bie Sefuiten gebaut und unter bes Ronigs besondern Schut gestellt." Bobl traten da und bort Unzeiden von Unzufriedenbeit und Aufregung im Bolle hervor; allein Jacob verließ fic auf feine ftebende Urmee, ble er 13,000 Dann Reiterei und gusboll ftart auf ber Saibe von Boundlow im Angefichte von London in einem großen Lager gefammelt hatte. Er lachte ber Barmingen des ber tatholifden Rirde eifrig ergebenen Aurfürften Bhilipp Bilbeim. beffen Gefcafteführer fich gegen ben Bunfc feines herrn jur Errichtung ber Sity-Capelle hatte gebrauchen laffen muffen; denn wie follte eine Emporung Erfolg baben konnen, wo eine folagfertige Armee bem Ronig jeberzeit zur Berfügung ftand? Aber auch in des Lager war bereits die religiofe Aufregung gebrungen. Die protestantischen Soldaten lafen mit Begierbe bie "Anfprache" eines englischen Geiftlichen, Camuel Johnson, ber bie Truppen in feurigen Borten ermabute, ihre Baffen nicht gu gebrauchen gu Bertheidigung des Desbuches fondern der Bibel und bes Landrechts. Der Berfaffer hatte fcon früher eine Schrift unter dem Titel "Julian der Apostat" herausgegeben, worin er nachgewiesen, daß die Chriften ber erften Jahrhunderte nicht an die Unzuläffigkeit bes Biber ftanbes geglaubt hatten, und war deshalb als Berleumber und Aufruhrftifter ins Gefange niß geworfen worben; jeht wurde er jum Pranger und jur Geißelung verurtheilt. Die

# III. England unter ben zwei letten Stuarts n. Bilbeim III. 527

Standhaftigfeit, womit er bie entfehliche Strafe bon mehr als breibundert Beitfdenhieben obne einen Somerzenstaut über fich ergeben lieb, hat ihm bei bem Bolle ben Ruhm eines Martyrers eingetragen. Bugleich murbe bon gelehrten Weologen ber beiben Univerfitaten eine fcarfe Bolemit gegen bie romifch-latholifche Rirche eröffnet, nachbrudlicher und foneibenber als jur Beit ber Reformation.

Rod vertrauensvoller blidte Jacob II. auf Schottland. Dort batte er Begunftie früher felbft zum Sieg bes Royalismus und bes Episcopalfpstems beigetragen, tholicismus und die neuliche Riederlage der aufftandischen Covenanters unter Arable hatte land. vollends die hochfirchlichen und legitimiftischen Ibeen in die Bobe gebracht. Auch bier war die Uniformitat die Grundbedingung ber burgerlichen Rechtsftellung; aber diese Uniformitat mar nicht wie in dem Nachbarlande aus bem Bolle felbft bervorgegangen, nicht mit bem geschichtlichen Leben verflochten; fie mar burch bie bespotische Sand ber Regierung der Nation gewaltsam aufgebrängt worden, hatte feine tiefen Burgeln im Bergen ber Gingebornen. Daraus jog Sacob ben Salus. daß es nicht fower fallen murbe, bem Ratholicismus eine Freifiatte zu bereiten. Standen boch an ber Spige der Regierung Manner, bon benen teln Biberftand gegen ben Billen des Ronigs zu befürchten mar. Der erfte Minifter, ber Lord-Schapmeifter William Douglas, Bergog von Queensberry war wie die gange Clarendonsche Framilie, ber er burch seine Gemahlin angehorte, ein treuer Anbanger bes von Sott ftammenben vollberechtigten Ronigthums, und im geheimen Rathe ftanden ihm zwei Bruder zur Seite, ber Rangler James Drummond, Carl of Berth und ber Staatsfecretar Lord Melfort, welche bereits ben reformatorischen Glaubenslehren abgesagt hatten und aus Ehrgeiz bem toniglichen Absolutismus zu bienen bereit waren. Und noch ein anderes Mitglied des geheimen Raths. Alexander Stuart, Earl of Murray, ein Rachtomme und Erbe bes Regenten, schwur die Religion ab, für die sein erlauchter Ahn in den ersten Reihen gekampft batte, und trat jum Papsithum über. Gordon, Befehlshaber des Ebinburger-Schloffes mar ein Befenner Roms. Bilber, Reliquien, Rofentrange, Rreuge murben sollfrei eingelaffen, mabrend ber Bertrieb religiofer Schriften protestantifcher Richtung überwacht und gehemmt ward. In ber Rapelle bon Solyrood wurde die Meffe gefeiert; als barüber ein Boltstumult entftand, erhielten Claverboufe's Dragoner Befehl jum Einhauen und Schießen.

Am 29. April 1686 murbe ber Landing in Chinburg eröffnet. Der Rönig Protestans zweifelte nicht, daß er noch glangendere Erfolge ernten werde, als in London. Er er- fition bei ben nannte ben Convertiten Murray jum Lord-Dbercommiffar und lief ben Standen eine Conten. tonigliche Botichaft vorlesen, worin dem Lande einige materielle Bortheile in Ausficht gestellt waren, zugleich aber bas Berlangen beigefügt, man moge feine Unterthanen von der romifch-tatholischen Religion, die fo viele Beweife von Lovalität und Friedenbliebe gegeben, bes vollen Genuffes ber bungerlichen Rechte thetlhaftig machen, ohne ihnen eine Eidesleiftung aufzulegen, die mit ihrer Religion unbereinbar fei. Da tonnte fich nun aber die Regierung bald überzeugen, daß der alticottifche Beift trop aller Stuartichen Glaubenstyrammei in bem Lande jenfeit bes Tweed noch nicht erftorben fet. Die Berfammlung wollte nicht einmal die Bezeichnung "rönnich-tatbolifde Religion" für Die

Anhanger einer Glaubensform gelten laffen, die ihnen nur als "Sogendienft" erschien;

fie batte am liebsten den Ausbrud "Bapiften" angewendet, am Ende verftand man fic, fle als "die von der romifden Genoffenschaft" ju benennen. Richt einmal die Lords of Articles, welche die Gefegvorlagen vorzubereiten hatten, tonnten von Murray bewogen werden, mehr als die Freiheit des Privatgottesdienstes ju gestatten; in allem Andern bielten fie an der bisherigen Borfdrift fest, ohne Gidesleiftung follte niemand weder ein burgerliches noch ein militarisches Amt belleiden burfen. Es half nichts, daß die Barteiganger des Ronigs die Abficht durch eine weitere gaffung ju berhullen, den Schut ber Gefete auch auf Presbyterianer und Diffenters auszudehnen fuchten; Die Schotten ließen fich nicht taufchen; laut murbe die Anficht ausgesprochen, "Toleranggewährung liege nicht in dem Bereiche der weltlichen Obrigkeit und fei unvereinbar mit Gottet Geboten; ihr 3med fei, Tyrannei aufzurichten und die Bergen der Protestanten dem Papismus zu öffnen und somit Regerei, Gotteslästerung und Abgötterei zu gestatten". Ergrimmt über die Biberfpenftigfeit ber Stande prorogirte ber Ronig auch das Chin-Buni 1686. burger Parlament, um wie in England ben Beg ber Gigenmachtigleit und Billtur einzuschlagen. Er verficherte die fcottifchen Ratholiten feines Schutes, den er vermöge feines Supremats und feiner tonigliden Prarogative ohne Berufung auf das Dipenfationsrecht gewähren zu konnen glaubte, entfernte mehrere Mitglieber, die nicht willfahrig genug ichienen, aus dem geheimen Rath, barunter Madengie von Rofebaugh, einen beredten Rechtsgelehrten, und rief Douglas von allen feinen Aemtern ab. Bon der Beit an traten die antikatholischen Barteiverwandten in Schottland und England einander naber. Sie erkannten die Gleichartigkeit ihrer Biele : die Landesreligion und die gefetlichen Rechtsordnungen gegen Papismus und Abfolutismus zu vertheidigen. Da wie dort widerftrebte man der Abichaffung der Bonalgesche und der Cidesleiftungen weniger aus Intolerang als aus Beforgniß, daß der Romanismus, wenn er nicht mehr burch gesetliche Schranken gebunden mare, burch die Gunft und Unterftugung ber Rrone allmählich die Oberhand gewinnen und die aus der Reformation hervorgegangenen

Katholische Als Jacob II. die Regierung antrat, stand Ormono noch unmer ale wagter Politit in Break. Bicetonig an der Spige der Berwaltung und der Heeresmacht in Irland. Er batte das hohe Amt als Lohn feiner Berdienfte und feiner Lopalität aus Rarls II. Banden empfangen. Jacob rief benselben bald ab. Der Lordlieutenant lud seine Offiziere zu einem Bankette, trant aus einem bis zum Rande gefüllten Becher auf das Bohl bes Königs und schiffte fich nach London ein. Darauf theilte Jacob die Stelle: die bürgerliche Verwaltung übertrug er dem Lord Clarendon, dem zweiten Sohne des ehemaligen Ranglers und Bruder der ersten Gemablin bes Ronigs, jum Oberfelbherrn über bas ftehende Beer, bas fich auf 7000 Mann verschiedener Baffengattungen belief, ernannte er den erwähnten Talbot von Tyrconnel, einen verschmigten Irlander, welcher bas Blut feiner normannischen Ahnen verleugnend die Leidenschaften und den Kangtismus feiner irischen Landsleute in seiner Seele trug. Irland lag noch in ben Reffeln, Die Crom. well der Insel angelegt: die Herrschaft und der größte Theil des Grundeigenthums war in den Banden der englischen Colonisten, die der Protector vorgefunden ober neuangefiedelt hatte und die auch unter Rarl II. in ihren Besitzungen und Rech.

Archlichen Formen und Lehren untergraben wurde. Daß diefe Beforgniß nur ju ge-

grundet fei, lehrte bas Beifpiel Irlands.

ten geblieben maren. Bir wiffen, mit welchem Grimm und Racenhaß bie feltiiden Ureinwohner auf die Fremdlinge von anderem Blut und anderem Glau-Dadurch maren diefe genothigt zu ihrer eigenen Sicherheit und Begenwehr fich enger an einander anzuschließen. Dhne Rudficht auf die religiofe Berichiedenheit, indem nur die Salfte fich ju ber berrichenden Staatstirche befannte, der Reft aus Ratholifen, aus Bresbyterianern und andern Diffenters beftand, bildeten bie ichottischen und englischen Unfiedler eine geschloffene Bhalang gegenüber den Gingebornen. 3m Befige der Macht, der Guter, des Sandels, der höheren Bildung waren fie die herren und Gebieter der Infel, mußten aber ftets bereit fein, Diefe Stellung gegen die lauernden, neidischen, verbitterten Reinde ju vertheidigen. Der Tefteid mar in Dublin unbekannt, und fo fagen denn neben Anhängern der Staatskirche auch katholische und protestantische Nonconformisten in den Staats- und Gemeindeamtern, in ben Richterftellen, im Parlamente. Achnlich verhielt es fich bei der Armee. Allenthalben übermog das nationale Intereffe und Die Rothwendigkeit ber Selbstvertheidigung gegenüber einer unverfohnlichen Bevolterung die confessionellen Rudfichten und Gegenfate. Berhaltniffe hatten manches Barte; bei ber Bertheilung ber Buter und Rechte war die Stimme ber humanitat nicht gehort worben; manche tiefe Bunden warteten ber Beilung. Und wer mare geeigneter und berufener gewesen, Diese beilung zu versuchen, die feindlichen Stamme zu verfohnen und auszugleichen als Jacob II., der durch feine Geburt den Ansiedlern, durch feine Religion den Eingebornen verwandt war? Aber wie allen fanatischen Ultramontanen gingen dem Stuart die religiösen Spinpathien über die politischen und nationalen, Rom fand ihm höher als das Baterland. Sein Blan war, das Regiment in Irland ausschließlich in romisch-tatholische Bande zu bringen und zu dem Ende, fo weit bie englisch-schottischen Bekenner Diefer Rirche nicht hinreichten, auch irifche Gingeborne zu Staats- und Richteramtern, bei ber Gemeindeverwaltung und Militarführung zu verwenden. Auf folche Beise gedachte er fich in Irland einen Rudhalt zu verschaffen, wenn seine tatholicirenden Tendenzen in feiner schottisch. englischen Beimath auf unüberwindlichen Biderftand ftogen follten. Diefer Aufgabe tonnte Clarendon, ber Mann ber anglicanischen Uniformität auf die Dauer nicht genügen. Bie lange auch die beiden Brüder, um fich in ihren einflugreichen Stellen zu erhalten, ihre eigenen Anfichten und Ueberzeugungen bem königlichen Schwager jum Opfer brachten, ju bem ehrlosen Schritt einer Abschwörung ihres Glaubens, burch den fie fich allein ihr Amt zu fichern vermocht hatten, konnten fie fich nicht entschließen. Daber fiel es bem ehrfüchtigen, heißblutigen Irlander Ihrconnel, ber fich ber hochften Gunft und Gnade in Bhitehall erfreute, nicht gar ichwer, die Abberufung bes englischen Rivalen zu erwirken und die ganze burgerliche und militarische Gewalt in seine eigene Sand zu bringen. Und nun benutte er feine Stellung, um vermittelft neuer Gutertheilung feinen Stammes. und Glaubensgenoffen die Landereien jurudjugewinnen, die ihnen die Republik

entriffen, und die Armee in sichere und zuverlässige Berfaffung zu segen. Biele Offiziere, welche mit ihren protestantischen Unfichten allzu entschieden hervortraten, wurden berabschiedet und durch Ratholiten erfett. Die Entlaffenen begaben fic meistens nach Holland und traten in des Draniers Dienste. dabei einen weiter gehenden 3wed im Auge: Jacob war schon bejahrt und noch immer ohne mannlichen Leibeserben; sollte nach feinem Tode die Krone an die ältefte Tochter Maria und ihren Gemahl fallen, fo bachte ber ultramontane Graf ben alten Blan einer Bosreigung ber grunen Infel von ber angeliachnichen Bertschaft zu erneuern.

#### 8. Cofteid und gewiffensfreiheit.

Die fatho= fensfreiheit.

Mit der Entlaffung der beiden Bruder Syde, Rochester und Clarendon, ju tifche Propa-ganba unter Aufang bes Sahres 1687 traten die geheimen Plane Jacobs II., der tatholischen ber Daste Rirche in England nicht nur eine Freistätte, sondern eine herrschende Stellung zu bereiten, immer beutlicher hervor; Ratholifen ober Convertiten hatten bereits bie einflugreichsten Memter inne; die Religionsstatuten wurden burch bas Dispensationsrecht zu Sunften ber Ratholifen umgangen; an die Sinberufung einer Parlaments magte man taum mehr zu glauben. Der Uebertritt fo mancher Manner bon erlauchter Bertunft wie des Benry Mordaunt, Carl bon Beterborough und bes James Cecil, Carl of Salisburg, ober bon berühintem Ramen, wie des Dichters Dryden, des Dramatifers und Schauspielers Saines, bestärfte ben Stuart immer mehr in dem Glauben, daß die Bortheile und Gnadenerweisungen, die als Preis des Abfalls geboten wurden, eine machtige Triebfraft auf die Bemiffen übten. Go lange jedoch die Staatsfirche im ausschließlichen Befit der burgerlichen Rechte und Shren mar, fo lange der Tefteid nur durch tonigliche Difpensation, die boch immerbin gewiffe Brengen einhalten mußte, umgangen werden tounte, war fur Renegaten nur ein beschränkter Schauplas offen. Darum murde jest ein anderes Panier aufgepflangt; die papistische Propaganda bullte fich in das Gewand der Gemissensfreiheit und Tolerang. Bisber hatten alle Stuarts ben puritanischen und anabaptistischen Setten todtliche Feindschaft gezeigt und keiner ber Borganger begte größere Abneigung gegen diese ftrengsten Bidersacher des Papismus als Jacob; unbarmbergig maren die Uniformitätsgesete gehandhabt worden: wie oft hatte man mit Piten und Dusfeien die Conventikel auseinandergesprengt; wie viele puritanische Prediger, Die ber Armen die Borte des Lebens zu verfündigen gewagt, schmachteten im Gefängniß! Run ging dem König auf einmal das Schickfal der Berfolgten zu Berzen; im Befprach mit Billiam Benn ichien fein burrer trodener Beift fur die hohe 3dee ber Religionsfreiheit Begeisterung zu fühlen.

William Bir haben biefen mertwürdigen Mann, ben bie Quater als ihren ameiten Stifter Penn. berehren, in den früheren Blattern tennen gelernt. Ienfeits des Oceans hatte er auf

einem Bebiete, das ihm Rart II. für eine Schuldforderung feines Baters als erbliches Eigenthum eingeraumt, und das als "Benn's Baldrevier" bezeichnet ward, ein Afpl eröffnet, wo alle "Freunde" in der Stadt der Bruderliebe ihres Glaubens leben durften, frei von aller firchlichen Uniformitat und religiofen Swangsgewalt. In dem Quaterthum liegt ein prattifcher Bug, ein Berftandniß fur die realen Berbaltniffe bes Lebens; unter ben Formen der Einfacheit, der Menfchenliebe, der gefellichaftlichen Gleichheit bewahrt Die Sette einen Mugen Blid für Die Dinge der Beitlichkeit, ein richtiges Urtheil über die Birklichkeit und Ruglichkeit. Sie verschmabt es nicht, durch weltliche Mittel und Bege die idealen Bwede der Sumanitat, der Bhilanthropie, der Gewiffensfreiheit au erreichen. Als Typus diefer prattifcheibealen Beltanichauung tann, wie im achtgehnten Jahrhundert Franklin, fo für das fiebenzehnte Billiam Benn gelten. Beide fuchten durch vielfeitige Thatigkeit in Schriften und Reden und durch ihre politische Stellung für ihre gefellicaftlichen Theorien zu wirten. Reben Jefuiten und Renegaten lieh Jacob II. Riemanden fo willig Gehör als dem hochgewachsenen wohlbeleibten Quater, der ftets einen großen Stod und ein einfaches Rleid trug, Jedermann, ben Ronig ausgenommen, mit Du anredete, babei im Umgang liebenswurdig und fein, im Befprach witig und anmuthig war. Er ging in Bhitehall ein und aus und der Ronig erwies ibm folde Buneigung und Aufmerkfamkeit, bas bas Gerucht auftam, Benn fei tatholifch geworben. Das war nun teineswegs ber gall; aber aus ben Theorien und Bringipien des Idealisten wußten die feindlichen Gegenfage Gewinn zu ziehen; Benns weitherzige Ideen von Freiheit und Sumanitat lieferten dem engherzigften Betehrungseifer des Ultramontanismus die Baffen in die Sand. Bir haben es vielfach erlebt, wie geschidt die Papftfirche und ihre eifrige Milig, der Befuitenorden, alle Beitideen ju ergreifen und ju Gottes größerem Ruhme ju berwerthen weiß. Bor Allem liebte fie es, aus dem Freiheitsbegriff einen Schild fur ihre Propaganda gu machen. Benn theilte mit dem Papismus die Abneigung gegen die anglicanische Staatstirche und ihren Uniformitatszwang; er bestartte baber ben Ronig in dem Borhaben, die gefehliche Befdrantung durch die Idee der Gewiffensfreiheit aufzuheben, dem Grundfas religiöfer Tolerang Geltung zu berfchaffen : Marquis Bofa hat im Drama Schillers vergebens auf den Knien den Romig Phillipp II. befchworen ; der ftarre Spanier wollte die firchliche Uniformitat nicht zerfeben laffen; Billiam Benn war gludlicher: 3acob II. hatte ein Interesse, wenn die ibm feindliche Conformität geloft ward, die Gedankenfreiheit ichien ihm dazu die geeignetste Baffe, in die durchbrochene Stelle konnte dann der Jefuitismus feine Brecheisen einsegen; die gluthen des Momanismus tonnten bann ungehindert eindringen.

Die neue Religionspolitik wurde zuerst in Schottland in Gang geset, wo Die Induktione die sowerane Autorität des Königthums ein freieres Feld hatte. Am 17. Feerung. bruar wurde im geheimen Rath zu Schindurg ein königlicher Erlaß verlesen und 17. Feerung. bald im ganzen Lande bekannt gemacht, worin den Katholiken und Quaktern krast königlicher Machtvollkommenheit und Gnade Toleranz gewährt war. Sie sollten nicht allein ihre Religion ausüben, sondern auch dürgerliche und militärische Aemter bekleiden dürsen. Auch die gemäßigten Presbyterianer sollten dieser Rechte theilhaftig sein, die Covenanters dagegen nur auf Privatgottess dienst angewiesen bleiben. Selbst bei diesem berechneten Gnadenedikt konnte Jacob seinen Groll gegen die strengen Puritaner nicht unterdrücken. Einige Beit nachher wurde eine Declaration äh nlichen Inhalts auch in London bekannt gemacht: Darin 4. Arr. 1887.

wiederholte ber Stuart fein ichon oft gegebenes und oft gebrochenes Bort, daß er die Staatsfirche in ihren Rechten und Befigungen erhalten wolle, sufpendirte bann alle Strafgefege in Religionsfachen, ba er nicht wolle, daß ben Bewiffen seiner Unterthanen Gewalt angethan werde, und erklärte, daß zur Erlangung burgerlicher und militarischer Memter teine Gidesleiftung nothwendig fei. Dies war die berühmte Indulgenzerklarung, durch welche Jacob, traft feiner koniglichen Prarogative mit einem Feberftrich alle Statuten vernichtete, welche bas volle Staatsburgerrecht an ben Tefteid und an ben Eid ber Treue und bes Supremats banben. Er gebachte ber monarchischen Autorität einen hobern Schwung au geben, wenn er ben toniglichen Dienft und die Pflicht des Gehorfams als das erfte Befet hinstellte, bas burch tein anderes Gefet beschrantt werden toune. Mit welcher Genugthuung empfing er die Dantabreffen feiner romifch-tatholifchen Glaubensgenoffen, die zum Theil dem höchften Adel angehörten! Auch die Anabaptiften, die Quater, die Congregationaliften oder Independenten und felbft die Presbyterianer ließen fich berbei, bem Konig für bas hohe But ber Gewiffens, freiheit zu banten. Er versprach, die Indulgeng durch ein Gefet fo gu befestigen, bag bas tunftige Beitalter fie nicht wieder umftogen tonne. Um hof wurde es Mode, Quater und Diffenters mit Aufmertfamteit zu behandeln; Tolerang und Bewissensfreiheit waren die Schlagwörter des Tages. Bielverfolgte Antagonisten ber Staatsfirche, wie Barter, Some, Bungan murben aus ber Gefangenichaft befreit, in der fie fo lange geschmachtet; fie durften am offenen Lag ihre Glaubigen um fich versammeln. Aber es war als ob das Feuer ber Begeisterung erloschen sei, seitdem fie nicht mehr gegen den Antichrift und die babylonische hure prebigen burften.

Der papfts liche Bluns

Die Indulgenzerflärung konnte als die praktische Geltendmachung bes tine bei bof. Grundfages angefeben werden, daß der Ronig über dem Gefege ftebe. Darum wurden jest alle Bebel angewendet, diefes Pringip in bas englische Staatsleben Unter ber Maste ber Tolerang follte ben Ratholiten ber Bugang au den Staats- und Lehrämtern und in die beiden Saufer des Barlaments geöffnet, und auf diefe Beife unter Beibulfe des tatholische absolutistischen Ronige und einer nach seinem Sinne zusammengesetten Regierung allmählich das Brandmal bes Schisma bon ber britischen Ration abgewischt werden. Der feierliche Empfang des zum Erzbischof in partibus und zum Runtius erhobenen papfilichen Botichafters Monfiguor d'Abba, eines feinen gewandten Mannes bon gefälligen Manieren, burch ben Ronig, die Ronigin und die Spipen bes Sofes und Anfang Juli des Cabinets in dem Pruntfaale von Bhitehall war der erste Schritt gur Berwirklichung des weit angelegten Planes. Rach ben Gefegen durfte tein papftlicher Abgefandter das Land betreten; und nun faben die Bewohner von London, die maffenhaft zu dem neuen Schauspiel berbeigeftromt waren und alle Renfter ber umliegenden Baufer befett hatten, ben priefterlichen Diplomaten mit einer langen Reihe fechespanniger Caroffen seine Auffahrt zur toniglichen Audienz machen.

Da ber erfte Rammerberr, ber Bergog von Somerfet aus bem alten reformatorischgefinnten Saufe der Semmoure, feine Dienfte bei diefer ungefetlichen Ceremonie verweigerte, wurde er von seinem Sofainte entfernt und der tatholische Bergog von Grafton, einer ber natürlichen Gobne Rarls II. ju ber Stelle ernannt.

Die Hauptforge bes Ronigs mar nun barauf gerichtet, unter bem Schilbe Die Bropaber Paritat in alle Corporationen und Regierungestellen offene ober beimliche Eemifienes Ratholifen ober Renegaten einzuführen, um die geschloffene Phalang bes Episcovalismus zu durchbrechen und zu gerfeten; bag babei bes außeren Scheines halber auch Presbyterianer und protestantische Diffenters berucksichtigt werden mußten, ließ fich zu feinem Leidwefen nicht andern. Die ftabtifchen Dagiftrate. ftellen, die früher durch einen willfürlichen Regierungsatt ausschließlich in die Sande ber Tories gelegt worben, murben jest nach bemfelben Berfahren in entgegengesetter Richtung umgestaltet. Gine eigene Commission von seche Ditgliebern, unter benen Jeffrens, ber nunmehr offen gur romifchen Rirche befebrte Sunderland und ber irifche Ratholit Butler die größte Autorität befagen, wurde eingeset, um eine Regulirung der Municipalitäten vorzunehmen, durch welche an Stelle ber Tories und Spiscopaliften entschiedene Anhanger der Indulgeng und Ronconformiften in den Communen das Regiment erhalten follten. Demgemäß wurde aus ben Albermencollegien, aus ben ftabtifchen Memtern, aus ber Berwaltung ber Bunfte eine große Angahl von Mitaliedern ausgeschloffen, welche als standhafte Betenner ber Staatstirche fich gegen bie Indulgenzerklarung und ben Grundfat ber Gemiffensfreiheit ausgesprochen hatten. Auf einer Reise nach ben weftlichen Grafschaften, als die leibende Rönigin bie Baber in Bath gebrauchen follte, zeigte fich Jacob befonders hulbvoll gegen bie puritanischen Diffenters; er ichien es gang vergeffen zu haben, bag fie bor zwei Jahren zu den eifrigften Unbangern des Bergogs von Monmouth gebort hatten. In Briftol und in andern Stadten ließ er fich versprechen, daß in bas nachste Parlament nur Deputirte gewählt werden follten, welche für die Abschaffung ber Eidesleiftung und fur Religionefreiheit ftimmen murben. Seine Absicht mar, bas Unterhaus, bas trot feines torpftischen Charafters an ber Uniformitat und an der parlamentarischen Berfaffung festhielt, nach Berlauf der Bertagungefrift aufzulösen und neue Bahlen anzuordnen, wobei auch die Nonconformisten auf Brund der burgerlichen Bleichberechtigung Sit und Stimme erhalten follten. Bei ben Lords gedachte er die antiepiscopalen Clemente durch neue Beersernen. nungen zu verniehren. Bu bein Breck ftrengte die Regierung alle Rrafte an.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fur bas neue Shitem ju bearbeiten : nicht nur daß, wie erwahnt, die ftabtischen Municipalitäten, die gleichsam "die Ringe der Opposition" im gangen Lande bilbeten, burch biffentirende Mitglieder gerfest murden; auch bie Friedensrichter, Die Sheriffs, Die Lordlieutenants in ben Grafichaften murben aufgefordert, für die Abichaffung der Gide und der Strafbestimmungen zu wirken;

ftanbhafte Anhänger ber Uniformitatsgesete mußten gefügigeren Mannern wei-Die Liften ber Sheriffs murben in ber Art verandert, daß zwei Drittel aus Ratholiten und Diffenters und nur ein Drittel aus Bekennern der Episcopalfirche bestanden. Jacob betrieb die Agitation wie eine personliche Angelegenbeit; er reifte in den Stadten und Graffchaften umber, um fur die Idee ber Gemiffensfreiheit Bropaganda zu machen. Rur folche Beamte follten gebuldet werden, welche fich bereit erklarten, bei den bevorstebenden Bablen im Sinne ber Indulgeng ju wirten ober, falls fie felbst gewählt wurden, mit ber Regierung au stimmen. Bon ben Lordlieutenants in den Grafschaften, die den angesehensten Abelsgeschlechtern angehörten, murben sechszehn ihrer Stellen beraubt und burch Manner erfett, die großentheils ber tatholifden Rirche anbingen. Es war eine eigenthumliche Erscheinung, die zwei Quaterhaupter Benn und Barclan an bes Ronigs Seite zu feben, um als Secundanten eines fanatiichen Fürsten die Fahne der Menschenrechte, der Tolerang, der Gewiffensfreiheit für ultramontane 3mede boch zu halten.

Die Lehrfrei= beit und bie

Rebeft der Communalberwaltung und ben Beamten ber Graffcaften maren behochfirch fonders die Universitäten Oxford und Cambridge der Gegenstand des toniglichen Reliden Unis formeifers. Wir kennen ben confervativen Charafter ber beiden hochfchulen; ju allen verfitaten. Beiten ftanden fie auf der Seite der Stabilitat und des Rudidritts; die torpftifchen Unfichten hatten in ben Orforder Gelehrten ihre fcharfften Bortampfer. Jacob hatte nicht fo gang Unrecht, wenn er behauptete, "es gebe daselbst viele geheime Ratholiten, benen man nur Luft machen muffe, um gegen bie alleinherrichende episcopale Doctrin einen Gegenfat in den großen Lebranftalten herborgurufen". Gr fucht baber traft feines Dispenfationsrechts in die Collegien mehrere tatholifche Mitglieder ju bringen und ernannte einen beimlichen Papiften jum Prafidenten im Magdalenen College. Als er dabei auf Biderftand ftieß, benutte er die geiftliche Commiffion, um die Unfolgsamen durch Amtsentsehung zu bestrafen. Sie wiesen ben Borwurf bes Ungehorfams jurud, denn wer die von den Ronigen bestätigten firchlichen und burgerlichen Befege beobachte, fei bem Ronig gehorfam; aber biefe Anschauung batte bamais ihre Berechtigung verloren; der neue Inquisitionshof enthob die Mitglieder des Magbalenen-Collegiums ihrer Functionen. Die hochfirchlichen Manner wollten fich nicht gu bem Grundfat einer bon ber religiofen Confession unabhangigen Lehrfreiheit betennen, ju welchem Billiam Benn fie ju betehren fuchte.

Saltung Bilbelms

Der Ronig icheint es fur möglich gehalten zu haben, durch Beberrichung v. Dranien. und Beeinfluffung ber Bahlen ein Parlament ju Stande ju bringen, das auf feine Intentionen einging. Allein mas half es, wenn mahrend feines Lebens die Bonalgesete und die religiösen Gidesleiftungen wegfielen, nach seinem Tode aber unter einem protestantischen Rachfolger Mes wieder in ben früheren Buftand zurudgeführt mard? Denn noch immer war die Ronigin ohne Rinder. Rut wenn für alle Butunft das Befet der Bleichberechtigung ber Confessionen gesichen war, konnte Jacobs Absicht erreicht werden. Darum mar er aufs Gifrigfte bemuht, feine Tochter und feinen Schwiegerfohn, denen bas nachfte Anrecht auf

die Erbfolge auftand, für feine Ibcen au gewinnen. Er forberte mit gebieterischem Rachbrud ihren Beitritt und war febr ergurnt, als er auf Biberftand fließ. Mit heftigen Borten führte er dem Bewollmachtigten bes Generalcapitans ber niederlandischen Republit, Diftvelt zu Gemuthe, daß der Tefteid einft zur Beschranfung bes Ronigthums angeordnet worden fei; daß durch die Indulgeng Die Autoritat ber Rrone machfe; nimmermehr werbe er geftatten, bag man Die, fo ber alten und mahren Religion getreu geblieben, jurudfege und Solche begunftige, welche die Religion, au der er felbst fich betenne, für irrthumlich, aberglaubisch und gögendienerifch erflarten. Billiam Benn wurde nach bem Saag geschickt, um bas statthalterische Chepaar zu befferer Ginficht zu bringen; aber ber Oranier, ber von seinem Sesandten über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n Renntniß gehalten ward, ber mit mehreren Bauptern bes malcontenten Abels, wie Bebford, wie bei beiben Clarenbons, wie die Lords Rottingham, Shrewsburg, Danby, Dorfet u. a. in vertraulichem Bertehr ftand, bem fogar Laby Sunderland, die andere Ansichten begte als ihr Gemahl, die Politit des Sofes in geheimen Briefen an Bilbelm's Bertrauten Bentint mittheilte, ließ fich ju teiner Erflärung im Ginne bes toniglichen Schwiegervaters fortreißen. Der fluge Dranier wollte fich nicht überzeugen laffen, daß mit der Indulgenzerklärung in England ein goldenes Beitalter religiöfer Freiheit angebrochen fei, daß die Idee einer allgemeinen Tolerang und Gewiffensfreiheit, bie als Rundamentalgeset ben fünftigen Ronigen Englands auferlegt werben follte, wirklich aufrichtig gemeint fei. Er fab barin weiter nichts als eine verftedte Rriegsführung gegen bie anglicanische Staatsfirche.

Jacob war febr gereizt über ben hartnädigen Unglauben feines Schwiegersohnes; er meinte, Silbert Burnet, ber berühmte hiftorifer ber englifden Reformation, der fich bor dem Unwillen Jacobs über feine Darftellung nach dem Saag geflüchtet hatte, fei ber Urheber bes Diftrauens und ber Antipathie; er drang auf deffen Entfernung; aber Bilbeim wollte den Rath und die Dienfte des beredten und verflandigen Mannes nicht miffen; er behielt benfelben in feiner Rabe, obwohl er felbst als strenger Calvinift teineswegs mit beffen episcopaliftifden Anfichten in Allem einverftanden mar, und feste feinen Bertehr mit den Ungufriedenen fort, die in ihm den Retter und Befreier aus ben Rothen ber Beit erblidten. Selbst die Bringeffin Anna und Lord Churbill verficherten ihn ihrer Sympathien und ihrer Anhanglichkeit an den protestantischen Slauben. Gin bon dem Rathspenfionar gagel verfaster offener Brief, der im Ramen Marias und Bilhelms die Erflarung enthielt, daß fie niemals in die Aufhebung der Teftatte willigen wurden, da bei der herrschenden Richtung des Königs Schutmagregeln für die Erhaltung der anglicanischen Rirche unentbehrlich seien, wurde schnell im gangen Ang. 1687. Lande berbreitet und reigte Jacob noch mehr gum Born.

Am 2. Juli 1687 sprach Jacob II. die Auflösung des Parlaments aus; Tenbengs aber erft am 27. November bes folgenden Jahres follte bas neue fich in Beft. Innern. minfter versammeln. Bis dabin hoffte er durch die Regulirung der Municipalitaten und durch die Berführungen, Ginichuchterungen, Abfehungen ber Sheriffs und Beamten in den Grafschaften es dabin zu bringen, daß die Mehrheit des Unterhauses für die Abschaffung der Zwangsgesetze stimmen würde. Im Ober-

bause gedachte er durch neue Ernennungen seinen Zwed zu erreichen. Das Uebrige, meinte Sunderland, wurde die in Beftminfter aufgestellte fonigliche Garde vollbringen. Mittlerweile fuhr er fort, die nach feiner Meinung dem Konigthum eigenthumlich anhaftende Autorität, die Prarogative der Rrone in folder Ausbehnung ju gebrauchen, daß bas Parlament bei feinem Zusammentritte einen Buftand vorfande, den es nur einfach burch die formliche Abschaffung der entgegenftebenden Afte zu bestätigen batte. Bie in Frankreich follte bas Parlament nicht neben sondern unter dem souveranen Ronigthum fteben, ein Institut in dem monarchischen Staatsorganismus bilben, das von dem legitimen Oberhaupte feine Richtschnur empfangen und zur Anwendung bringen follte. Satte man bod Mittel zur Berfügung, die jeden Biderftand wegzuräumen im Stande waren. Der geheime Rath, in dem nunmehr der Jesuit Betre und der bon ibm convertirte Sunderland bas entscheidende Bort führten und worin man mertwurdiger Beije auch den Gohn des hingerichteten Anabaptisten und Republikaners Henry Bane aufgenommen hatte, ging gang in die Tendenzen des Konigs ein; einige auserwählte Mitglieder murden zu der tatholischen Sofcamarilla beigezogen, in welcher die zu ergreifenden Dagregeln berathen murden.\*) Bon bem Richtercollegium der Ringsbench, welches Jeffreps fo gefchickt jufammengefest hatte, daß es ein willfähriges Inftrument des Absolutismus war, tonnte man ftets Gutachten und Rechtsentscheibe für alle foniglichen Anordnungen erlangen; benn nach bem Difpensationsrecht mar ja der Ronig über Die bestehenden Gefete erhaben. -Die neue hohe Commission, die fich in dem Berfahren gegen den Bischof von London fo fehr bemahrt hatte, konnte immerfort gegen widerspenftige Beiftliche der Episcopalfirche gebraucht werden. Und war benn nicht, wenn alle Bebel verjagen follten, Ludwig XIV. ein Belfer in der Roth? Auf diefen Beiftand tonnte der Rönig um so ficherer rechnen, ale die continentale Politit damale den frangofischen Monarchen in eine feindliche Stellung zu dem Statthalter feste, gegen welchen auch Jacobs Gifersucht und Diftrauen in erfter Linie gerichtet mar.

Der König Wir wissen, wie sehr Jacob über die Gegenwart hinaus in die Zukunst wird bie Bischofe, schaute. Sollte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für alle Zeiten eine ehrenvolle Ezistenz oder dominirende Stellung gesichert sein, so mußte nicht nur die anglicanische Staatskirche aus ihrer ausschließlichen Herrschaft gedrängt, nicht nur die gegen die Ronconformisten ausgerichtete Barriere auf legalem Wege beseitigt werden; auch

Der ehrgeizige Zesuit Petre trachtete nach der Burde eines Cardinals, um in England die Rolle der beiden französischen Minister zu spielen. Bielleicht konnte er auch den erzbischöflichen Stuhl von Canterbury erlangen und dann im Bunde mit dem König an der Condectirung Englands um so erfolgreicher wirken. Schon war der englische Gesandte Castelmain in Rom bemüht, die zur llebernahme kirchlicher Burden den Mitgliedern der Gesellschaft Sesu erforderliche papstliche Dispensation zu erlangen. Aber durch die Abneigung des Papstes Innocenz XI. gegen die herrschlicht und das ambitiose Treiben des Ordens und durch das anmaßende und taktlose Ausstreten des Engländers wurde der Plan vereitelt.

# 111. Eugland unter ben zwei letten Stuarte u. Bilbeim III. 537

von dem Throne follte der Ratholicismus dauernd Befit nehmen. Denn feit einiger Beit fprach man davon, daß fich die Ronigin in gesegneten Umftanden bejande. Das Bolt mar ungläubig; man meinte, es fei eine Bieberholung bes Kalles von Maria Tudor. Der Rönig aber war nun um so eifriger bebacht, den Tefteid wegauschaffen, bamit nicht wieder eine Agitation fur die Ausschließung eines fatholischen Thronfolgers ins Leben treten ober eine protestantische Bormundschaft unter bem Schilbe der Landesgesege eine Erziehung nach bem Befenntniß der Staatstirche vornehmen tonne. Die Indulgenzertlarung murde von Reuem verfündigt und zwar mit dem Bufat, daß fie in allen Rirchen zur Beit 4. Mai 1688. des Gottesdienstes verlesen werden folle. Betre hatte im gebeimen Rathe ben Befehl durchgefest, um die Bralaten au entehren oder zu verderben. Und in der That tam nun die anglicanische Beiftlichkeit in eine schwierige Lage: follte fie durch Folgfamteit eine Dagregel gutheißen, die gegen fie felbit gerichtet mar, oder burch Biberfpruch fich eines Ungehorfams gegen Ronig und Obrigfeit fculbig machen? Der Erzbischof Sancroft, ein gemäßigter Mann von tiefem religiöfen Gefühl und durchdrungen von der Bahrheit feiner Rirche, ging mit einigen Biicofen au Rathe, wie fie fich gegenüber ber ameischneibigen Unordnung verhalten wollten. Auch Benry Clarendon, ein eben fo aufrichtiger Unbanger bes Ronig. thums als ftrenger Gegner der tatholifch nonconformistischen Tendenzen bes Stuart, wohnte der Berathung in Lambeth-Soufe bei. Dan einigte fich ju 12. Daibem Befchluß, bag bie Indulgenzertlärung nicht verlefen werden follte. Um aber einen offenen Aft des Ungehorsams zu vermeiden, wollten fie den Ronig felbit durch eine Abreffe um Burudnahme bes Gebotes ersuchen. Diefe Abreffe murbe feche Tage fpater in einer großen geistlichen Conferenz, zu welcher fich die ge- 18. Mailehrteften und angesehenften Pralaten einfanden, wie die Bifcofe Renn von Bath und Bells, Trelamney von Briftol, die Deans, Tillotfon, Stillingfleet, Tennison u. a. berathen und entworfen. Bur Rechtfertigung ihres Schrittes führten fie den seitbem in allen Berfaffungsstaaten gultigen Grundsat an, daß alles Gefet widrige, bas in bes Monarchen Ramen angeordnet werde, nicht ibm, fondern feinen Ministern und Rathen zur Laft falle; bag es somit gestattet fei, von einem Erlaß bes gebeimen Raths an ben Ronig felbst ju recurriren. Als bie Abresse, worin die Pralaten neben der Betheuerung ihrer longlen Gefinnung die Bitte ausiprachen, ber Ronig moge ben Befehl ber Berlefung ber Declaration in ben Rirchen gurudnehmen, ausgestellt und unterzeichnet mar, murben fieben Bischöfe gemablt, welche das Schriftstud bem Ronig überreichen follten. Der Erzbischof mar nicht in der Bahl, weil ihm megen feiner Beigerung ben Sigungen der hoben Commiffion beizuwohnen der Hof untersagt mar, auch nicht Compton, der suspendirte Bijdof von London, obwohl er der Berfaminlung angewohnt hatte. Der Konig gewährte die erbetene Audieng; er mochte glauben, daß die Rirchenmanner ibm 20 mat einige bemuthige Borftellungen machen wollten. Aber wie erstaunte er, als er beim Durchlefen ber Bittichrift eine Protestation fand, ale bas Recht ber Declaration angezweifelt war, weil das Parlament fich früher dagegen ausgesprochen! Er gab ben Ueberbringern einen höchft ungnadigen Bescheid : bas beiße die Fahne ber Rebellion erheben; "bas Recht ber Dispensation bat mir Gott verlieben", rief er, "ich werbe es mir nicht entreißen laffen". Die Bifchofe wurden indeffen nicht eingeschüchtert; fie beriefen fich auf bas apostolische Bort, bag man Gott mehr gehorchen muffe als ben Menschen. Dit bem Ausruf: "Gottes Bille geschehe!" verließen fie das Schloß. Roch an bemselben Sag war die Abreffe, burch ben Drud verbreitet, in der gangen Stadt befannt. Die befohlene Berfündigung unterblieb; wo fie versucht wurde, verließ die Gemeinde die Rirche.

Die Brala-

Es war ein entscheibender Schritt: Die englische Rirche, ihrer gangen Ibee ten nach bem Somer. nach mit der Krone aufs Innigste berbunden, nahm jest Stellung auf der Oppofition gegen ben Ronig, marf fich jum Befchuper ber Landesgefete gegen bie fonigliche Brarogative auf. Es lagt fich benten, welche Aufregung baburch bervorgerufen ward. In einer Menge von Flugschriften wurde der Fall erortert und je nach dem Parteiftandpunkte verworfen oder gebilligt. Bleibt der Tefteid in Geltung, fagten die Einen, fo wird ein großer Theil der Ration um der Religion willen in feinen angebornen burgerlichen Rechten verlurzt, von aller Theils nahme an ber Regierung ausgeschloffen. Seit wann gebort es benn au ber Brarogative ber Krone, eigenmachtig von Gefegen zu dispenfiren? fragten Die Andern ; die legislative Gewalt rube in dem König und den beiden Saufern, das Recht der Suspendirung sei nur ein Theil dieser Gewalt. Die mahre Lopalität bestehe in ber Beobachtung ber Gefete. In einem vielberbreiteten Flugblatt bieß es: "Benn wir die Erklärung verlesen, so fallen wir, um niemals wieder aufzufteben. Bir fallen unbemitleidet und verachtet, unter ben Flüchen 'der Ration." Selbst die Saupter ber Camarilla, Pater Betre und Sunderland wurden betroffen über den Biderftand einer Priefterschaft, die feit mehr ale einem Sabrbundert die wichtigste Stute bes Thrones gewesen war; man zog in Erwagung. ob man es nicht mit einer Ruge follte bewenden laffen. Allein des Ronigs Soche muth und Starrfinn gab fich bamit nicht zufrieden : wurde es benn nicht ben Schein gewinnen, als ob er feiner eigenen Sache mißtraue, von der Legalitat feines Dispensationsrechts nicht völlig überzeugt fei? So wurde benn ber Befcluß gefaßt, die Ueberbringer ber Abreffe bei bemfelben Gerichte zu verflagen, welches einft die Rechtsbeftandigkeit ber Dispenfation anerkannt hatte, und zwar auf Grund bes Inhalts ber Abreffe: "In Form einer Betition hatten fie unerlaubter und boshafter Beife ein faliches und emporerifches Libell überreicht und bann veröffentlicht, jur Berachtung bes Ronigs, gegen die Gefete bes Reichs und ben öffentlichen Frieden." Demgemäß wurden die fieben Bifchofe zu einem 8. Juni 1888. Berhor bor Ronig und geheimen Rath vorgelaben, und ba fie bei ihren Borten beharrten, ein Berichtstag jur weiteren Berhandlung festgefest. Da fie als Beers teine Burgichaft stellen wollten, murben fie bis zu bem bestimmten Termin in ben Tower abgeführt. Beim Ginfteigen in die Barte und mahrend ber Sahrt

auf der Themfe murde ihnen eine begeifterte Berehrung erwiefen. Die Menge betrachtete fie als religiose und politische Martyrer; Alles warf fich auf die Anie und erflehte ihren Segen. "Es war ber Augenblid, in welchem das Bischofthum gleichfam feinen Bund mit ber Bevolferung von London fchlog." Auch mahrend ihrer Gefangenschaft empfingen die Brälaten von allen Seiten Beweise der innigsten Theilnahme und Hochachtung. Bährend der Commandant des Lowers, ber Renegat Sir Edward Sales fich febr unfreundlich zeigte, fuhren bie ersten Abelshäupter, Tories wie Bhigs zu ber Festung, um sich nach bem Befinden der Gefangenen zu erfundigen.

3wei Tage barauf wurde die Königin, früher als man erwartet hatte, im Entbindung Palaste St. James von einem Knaben entbunden. Satte schon vorher das Bolt 10. Juni 1688. bie Schwangerschaft und bevorftebende Riedertunft der "Este" mit ironischem Unalanben aufgenommen, so wurde dieser Unglaube noch vermehrt, als verlautete, daß mehrere Personen, deren Anwesenheit erforderlich gewesen ware, um die Geburt eines Thronerben vollgultig zu bezeugen, wie die Prinzeffin Unna, wie ber Erzbifchof Sancroft, wie die beiden Sydes, wie der Bertreter Oraniens, nicht zugegen gewesen. Es verbreitete fich das Gerucht, die hoffnung fei schon bor Monaten fehlgeschlagen; man habe ber Königin, die plöplich in der Racht von Bhitchall nach bem fühleren St. James Balaft überführt worden, ein anderes neugebornes Rind in bas Bett getragen. Diefe Behauptung entbehrte jeder Stute, in der Folge hat Riemand an der Chtheit gezweifelt; aber in jenen Tagen ber Aufregung und des Mistrauens fand Alles Glauben, was jum Rachtheil bes föniglichen Haufes ausgefagt ward. Roch an demfelben Tage brachte ber papstliche Runtius dem hocherfreuten Ronig feine Gludwünsche bar; ber beilige Bater selbst ward zum Pathen ausersehen. Auch der französische Gesandte fäumte nicht mit seinen Freudenbezeugungen: Sacob umarmte ihn, empfahl das Rind dem Shupe Ludwigs und entließ ihn mit den Worten: "Ich hoffe, wir werden noch große Dinge für die Religion ausrichten."

Bohlmeinende Rathgeber empfahlen bem Ronig, das frohe Familien- Die Bifcobe ereigniß zu einem Aft der Gnade für die Bralaten zu benuten: allein Jacob beharrte bei feinem Borhaben. Gerade jest fchien ihm die Durchführung feines monarchischen Prinzips für die Bukunft des Thronerben um fo nothwendiger. Co nahm benn bie große politisch-juribische Action bor ber Ringsbench ihren 29. 3uni Auf beiden Seiten waren die geschicktesten und erfahrenften Rechtsanwälte bemubt, ihre Anfichten gur Geltung zu bringen; babei bot fich die mert. würdige Erscheinung bar, daß die Bertheidiger ber Bischöfe ber Torppartei angehörten, mahrend die Sache bes Königs von einem Mann geführt ward. Billiam Billiams, der früher als Sprecher des Unterhauses auf der außersten Opposition gestanden und die Ausschließungsatte betrieben, dann aber als Preis seiner politischen Bekehrung die Stelle eines Generalprocurators erhalten hatte. Der Rampf war heiß; die Geschwornen blieben die ganze Racht hindurch im Gerichtsgebaube.

Am folgenden Tag erfaunten fie auf Richtschuldig. Gelbft die Richter tonnten nicht leugnen, daß durch die Aufrechterhaltung des Dispenfationerechts bas Bejen ber legislativen Gewalt der Rrone zufallen murde, daß der Biderftand ber Bis Schöfe gegen ben obrigkeitlichen Befehl auf einem Conflitt der Brarogative mit der an Recht bestehenden Staatsfirche berube, der nur durch ein Barlament seinen vollgültigen Ausgleich finden fonne.

Die Etim

Die Freisprechung der Angeflagten wurde wie ein Siegesfest mit Gloden. gelaute, mit Frohloden und Gludwunichen, mit nachtlichen Freudenflammen gefeiert; bis in die Gemächer von Bhiteball brangen die Jubeltone bes Bolts. Aber Jacob verharrte auf feinem Ginn: Die Richter, Die fich fur Die Bifchofe ausgesprochen, erfuhren seine Ungnade; nur die Schmeichelreben ber Camarilla, welche die Geburt eines Thronerben für ein Beichen erklärten, daß Gott ibre Gebete erhört und bem Ratholicisinus ein Bfand bes Fortbestebens fur alle Butunft gegeben, waren nach seinem Sinn und herzen. Die Gegenpartei und bie gange protestantische Nation erkannte jedoch in der Geburt eines Bringen von Bales bas verbangnisvollste Ereignis; bas zerschnitt die Hoffnungen, womit man fic bisber getröftet, daß bei dem Tode des Ronias eine protestantische Thronfolge eintreten und das Reich von der Gefahr einer absolutiftisch-papiftischen Unterdruckung befreien wurde, und fiellte dem englischen Bolfe ein langes Clend unter monarchifch-kleritalem Despotismus vor Augen. Es war naturlich, daß der Gedante ber Gelbsthülfe immer nicht Burgel faßte, daß der Blan, fich mit den noch porbandenen gefetlichen Rraften von dem unerträglichen Joch bes Gemiffensamanges. ber Rechtsverlegung, bes Fremdeneinfluffes ju befreien, in alle Stande eindrang.

## 9. Die Revolution vom Jahr 1688.

# a. Die Landung Bilhelms bon Dranien in England.

vin Dranien

Um dieselbe Beit bereiteten fich wichtige Dinge auf dem Continente por. Die proten. Bir werden bald erfahren, daß die europäischen Machte gur Bahrung des politischen Gleichgewichts gegenüber ber Bergrößerungssucht Ludwigs XIV. au einem großen Bundniß jusammentraten. Bilbelm von Oranien und die vereinigten Riederlande waren babei vor Allem thatig. Selbst Papft Innoceng XI., bamals in Sader mit dem frangofischen Machthaber, begunftigte die Coalition. Die Besetzung des fürstbischöflichen Stuhles von Roln gab den Sauptanftoß ju einer neuen allgemeinen Schilderhebung. In diefem fritijden Beitpunfte fuchte der frangofische Mouarch den ihm so febr ergebenen Ronig von England gan; auf feine Seite zu gieben, und Jacob II., der weder fur bas europaische Gleich: gewicht, noch für die politischen Intereffen des britischen Reiches Ginn batte. der nur seinen perfonlichen Gefühlen und seinen religiofen Borurtheilen folgte, ging ganglich auf beffen Banfche und Plane ein, jumal ba beibe in bem Biberwillen gegen den Oranier und den protestantischen Freistaat übereinstimmten.

Auf Ludwigs Betreiben freuzte eine englische Flotte, von Frankreich unterftust in ben Gemäffern ber Rordfee, um bie Bollander abzuhalten, ben Schweben gegen ben frangofischen Schutzling Chriftian V. von Danemart Sulfe ju leiften. Schon vorher hatte Jacob II. an die feche britischen Regimenter, die feit gehn Sahren in hollandifden Dienften geftanden, ben Befehl ergeben laffen nach England gurudgutebren. Allein nur feche und breifig Offigiere und wenige Gemeine leisteten Folge, die übrigen verblieben in den Riederlanden. Der Grundfas, daß jeder freigeborne Mann das Recht habe, Rriegsbienfte zu nehmen, wo er wolle, leuchtete ihnen mehr ein als die Pflicht bes Unterthanenbandes, welche ber englifche Gefandte geltend machte. Ueberall herrschte Die Anficht, bei bem neuen Rrieg, ju bem fich bie beiben tatholifden Botentaten von Frantreich und England bereinigt bie Band reichten, fei es auf bie Bernichtung ber protestantischen Religion im nordweftlichen Europa abgefeben. Beibe Rationen hatten baber bas gemeinschaftliche Intereffe, ben feindseligen Abfichten ber verbundeten Fürsten mit aller Rraft und Energie entgegenzutreten, ebe ihre Unternehmungen vollftandig gur Ausführung getommen fein wurden. Und wer mar bagu ein geeigneterer Bannertrager als Bilhelm von Oranien, ber einft die Rieberlande aus ber Roth gerettet, auf ben die englischen Patrioten icon feit Sahren ihre Hoffnung gesett, in beffen Refidenzstadt Saag Schaaren von Emigranten aus allen Ständen weilten? Benn früher die Betenner ber anglicanischen Rirche mit einigem Rud. halt auf ben ftreng calvinistischen Fürsten geblidt hatten, welcher an bie Brabeftination glaubte und ben Ceremoniendienft ber englischen Rirche migbilligte, fo hatte fich jebe Beforgniß verloren, feitbem es ber Beredfamteit Burnets gelungen war, benfelben von der Rothwenbigfeit der parlamentarischen Berfaffung und ber bamit verbundenen bischöflichen Staatetirche ju überzeugen. Burnet mar ber Reprafentant ber latitubinarischen Rirchenideen, Die bamals im Gegenfat zu den tatholifirenden Tendenzen bes Ronigs in ben englischen Alerus und in die hochfirchlichen Rreise eingebrungen maren: angefichts ber von ber tatholischen Propaganda brobenben Gefahr zeigten bie Episcopalen größere Sinneigung zu den reformatorischen Rirchen des Continents und den ihnen verwandten Ronconformiften in England. Um namentlich gegenüber ben calvinischen Bresbyterianern ber Schein-Lolerang bes ultramontanen Stuart bas Gegengewicht gu halten, wurde ihnen in Flugschriften und Gesprächen eine Ermäßigung ber Uniformitatogefege in Ausficht geftellt, fobalb bie Gefahr bor ber romifc-tatholifden Reaction verfcowunden sein würde. Es war eine durch die gemeinsame Roth gebotene Sandreichung der Spiscopalen und Calviniften gu einem friedfertigen Busammenleben unter einem Betenner ber Genfer Rirche.

Diese friedfertige und einträchtige Gesinnung mußte zuerft bei dem fürftlichen Che- Bitheim paar selbst gewedt und gefestigt werden, und auch dies gelang dem gemäßigten Rirchen- und Maria. mann Burnet. Der Bring hatte Sweifel geaußert, ob das Recht der Thronfolge feiner Sattin auch auf ihn übertragen werden wurde; fein mannlicher Stoly verabicheute ben

Bedanten, das er bereinft nur als Gemahl der Ronigin angesehen und behandelt werden mochte. Diefen Argwohn erftidte das liebevolle Gemuth Marias und die geschickte Bermittelung Burnets. Sie gab dem geiftlichen Berrn, der viel bei ihr galt, die Antwort, wenn ihr Gemahl das Gebot der Beil. Schrift befolge: "Manner, liebet eure Frauen", fo merbe fie auch bas andere halten : "Frauen, gehorchet euren Mannern in allen Dingen". Mit diefer Ertlarung, die fie bem Gatten felbft mittheilte, verfcwand aus Bilhelms Bergen bas bittere Gefühl, bas mandmal fein eheliches Glud getrübt hatte.

Die natio

Aber alle diese Aussichten und Plane schienen für immer zerronnen, als die nale Bartei ... Bitbeim Rachricht von der Geburt eines mannlichen Thronerben im Haag anlangte. Und boch gab gerade diefes Ereignis ben Anftos, daß das Biel früher erreicht wurde, als nach bem natürlichen Laufe ber Dinge erwartet werben konnte. Rur wenige Menschen in gang England glaubten an die Schtheit des Prinzen von Bales. Durch einen Staatsstreich ber Camarilla fei ber Aft in Scene gefet worden, um Die katholische Berrichaft fur alle Butunft zu fichern. Und nun suche man burch unerhörte Gewaltmaßregeln, Bahlbeberrichung, Bestechung, durch alle schlechten und ungesetlichen Mittel und Bege ein fügsames willfähriges Barlament gufammenzubringen, bas biefem Bechfelbalg ben Stempel ber Legitimitat aufpragen und die Nachfolge auf dem englischen Throne fichern folle. Gine folche Schmach tonne die Ration nicht auf fich laben laffen. Die Behre von der Ungulaffigkeit jedes Biderstandes, die einst im ropalistischen Eifer und im Abschen gegen die überwundene Republit von den Conservativen und Sochfirchlichen aller Stante aufgestellt morden war, batte mehr und mehr ihre Geltung verloren: felbit in den Reihen der Tories und der Beiftlichkeit wurde die Aufrechthaltung der parlamentarischen Rechte und der Landestirche gegenüber einer thrannischen Staats. gewalt als beilige Pflicht, als berechtigte Bandlung jedes vaterlandischgefinnten Mannes bingestellt. Die Unzufriedenheit mar so allgemein, daß eine nationale Erhebung auf ficheren Erfolg rechnen tonnte; aber wie follte diefelbe ins Leben gerufen werden? Man hatte noch nicht den tragischen Untergang von Mon-Eine königliche Motte kreuzte in der Rordiee: mouth und Arable vergeffen. Ludwig XIV. tonnte bem Bundesgenoffen ju Gulfe tommen, in Irland hatte Epreomel ein zahlreiches heer zu Jacobs Berfügung. Man mußte also porfichtig au Berte geben. Da tam es nun ben Batrioten au Statten, bas ichon feit mehr als einem Sahre die Faben vertraulicher Berbindungen amischen ihnen und bem oranischen Fürstenpaar angefnüpft waren, daß eine Menge von ausgemanberten Euglandern in Solland weilten und ben Bertehr zwischen beiden Randern lebendig erhielten; daß die politische Beitlage ein imniges Busammengeben ber Beneralftaaten und ihres Generalcapitans nothwendig machte; bag bie Berfolgung der Sugenotten die ganze protestantische Welt in Aufregung und Erbitterung gegen bie romifch-tatholische Religionswuth gefest hatte; daß die englischen Bhigs und Malcontenten die Ueberzeugung hegten, jest sei ber rechte Moment zum Sandeln gekommen. Go groß war die Abneigung der anglicam.

schen Ariftoeratie gegen das treulose Regierungsspftem mit seiner perfiden Camarilla, daß fich unter ben erften Abelshäuptern eine Berftandigung bilben tonnte, die einen conspiratorischen Charafter trug. Sieben Manner erften Ranges, die Grafen von Shreweburg, Devonshire und Dauby, ber Bifchof Compton von London, Lord Lumley, henry Sidney, Bruder des hingerichteten Algernon und Bertrauter der Lady Sunderland, und Admiral Ruffel verabredeten den Plan eines gewaltsamen Thronwechsels, wobei fie auf die Bulfeleistung des Oraniers Als ber Gefandte, burch welchen Bilhelm bem Ronig feinen Gludwunsch au ber Baterichaft aussprechen ließ, ben Freunden im Bertrauen eröffnete. bag ber Rurft nach wie bor ju ihnen fteben murbe, feste Edward Ruffel, ber nabe Bermanbte des unter dem Richtbeil gestorbenen Lord nach bem Sagg über, um genauere Berabredung zu treffen. Bilbelm gab ihm zur Antwort, wenn eine bestimmte Ginladung bon Mannern erften Ranges an ibn tame, daß er feinen Urm leihen moge zur Befreiung Englands von Papftthum und Gemaltherrschaft, so konne er bis jum September Schiffe und Mannschaft aufbringen. Darauf richteten die Lords eine Abreffe in Chiffern an ben Statthalter der Ric. berlande mit der dringenden Bitte, noch vor Ende des Jahres wohlgeruftet an 30. Juni ber englischen Rufte zu landen; neunzehn 2manzigftel ber Bevolterung feien für ibn; er wurde zahlreiche Bewaffnete finden, bereit unter seine Fahne zu treten; Dffiziere und Gemeine bes toniglichen Beeres murden fich bei feinem Ericheinen für ihn erflären, ebenso die Flotte. Große Gelbsummen wurden aufammengebracht und zum Theil in der Bant von Amsterdam niedergelegt. Der Ginladung ber Sieben folgten bald andere Rundgebungen: Bord Churchill bot dem Oranier in einem ichmunavollen Schreiben feine Dienste an : felbft ber Brafibent des gebeimen Rathe, Sunderland, billigte es, daß feine Gemablin durch ben Mann ihres Bergens Benry Sidney fich an dem conspiratorischen Treiben gegen den Stuart betheiligte. Denn seitdem Jacob immer ftarrer bei feinem Spftem verharrte, die Richter, welche die Bischöfe freigesprochen, mit seiner Ungnade belegte und ihre Stellen gefügigeren Mannern berlieb; als er ben gefantmten Rlerus, ber fein Toleranzedift nicht befannt gemacht hatte, mit einer Gerichtsverfolgung bedrobte, als er irifche Regimenter nach England tommen ließ, um die City in Bucht zu halten; da verlor auch er ben Glauben an die Butunft ber Stuartschen Berrichaft und fab fich nach einem Anter ber Rettung um.

Aus allen diesen Anzeichen gog der Oranier den Schluß, daß eine nationale Bilbelm u Erhebung gegen Jacob II. unvermeidlich eintreten würde. Sollte er der Ent. ftaaten. widdlung der Dinge theilnahmlas auseben? bann mar es mit seinen hoffnungen auf den englischen Thron zu Ende. Deun fiegte bas Rönigthum, fo batte er fich von dem gurnenden und mißtrauischen Stuart bes Schlimmften zu verseben; behielten die Gegner die Oberhand, fo ftand ju erwarten, daß man es noch einmal mit der Republit versuchen wurde. Er beschloß alfo, mit den Freunden und Berbundeten Sand in Sand ju geben und fich burch feine Mitwirtung bei ber

Revolution ihren Dant zu verdienen und zugleich auf den Gang der Dinge einen entscheidenden Ginfluß zu fichern. Mit unermudlicher Thatigteit traf er die Borbereitungen zu einer bewaffneten Intervention. Seine Stellung als Admiral und Generalcapitan der Republit feste ihn in die Lage militarische Anordnungen zu Da aber die gewöhnlichen Mittel nicht ausreichend für bas große Unternehmen erschienen, fo suchte er bie Beneralftaaten zur Gulfeleiftung zu bereden. Es war teine leichte Aufgabe, die hochmogenden Berren von Amfterbam, die ftets mit Sifersucht auf die Gewalt des ehrgeizigen unternehmenden Draniers blidten, zur Theilnahme und Unterftützung fortzureißen; fie wollten die Sache Erft bie Erwägung, welchen Gefahren ihr eigener Staat und Die protestantische Rirche ausgesett feien, wenn die Ronige von Frankreich und England fich zu einer gemeinsamen Action vereinigten, und ber entschlossene Ausspruch Bilbelms: "Best ober niemals"! verscheuchte die Bedenklichkeit. Man ließ es geschehen, daß der Statthalter die flusfigen Staatsgelder zur Bermehrung und Ausruftung ber Flotte, zur Anwerbung von neuntaufend Matrofen, ju militarifden Bortebrungen bermenbete.

Das englifchfranzöfische Bunbnis scheitert.

Ludwig XIV. bemertte mit Berdruß biefe Borgange, von benen ibm feine Diplomaten genaue Runde gaben; er warnte den Stuart und bot ihm seinen Beiftand an; aber Jacob glaubte nicht an die Gefahr, auch wollte er nicht, wenn das Parlament zusammentommen wurde, als Berbundeter Frankreichs por bemfelben erscheinen. Bugleich verlangte ber frangofische Monarch von den Rieberlandern bie Ginftellung ber Rriegeruftungen und ließ im Saag erflaren, daß er jeden Angriff wider England als eine gegen ibn felbst gerichtete Feindseligfeit betrachten werde; allein die Generalstaaten antworteten, daß fie angesichts der frangöfischen Kriegsmacht, die Ludwig an ihrer eigenen Grenze bereinigt habe, und ber Flotte, die im Safen von Breft segelfertig liege, auf die Sicherstellung ihres Landes gegen unerwartete Angriffe bedacht fein mußten. Man wolle nicht eine Bieberholung ber Ratastrophe von 1672 erleben. So konnten die Ruftungen bes Pringen als Bortebrungen gur Bertheibigung ber Riederlande bargeftellt Um englischen Sofe aber bemerkte man mit Gifersucht, daß Lud, wig XIV. die Sache bes Ronigs ju feiner eigenen mache, daß er England gleichsam unter feine Bevormundung ftellen, jur Gemeinschaft und Bunbesverbruderung bei dem bevorstehenden Rriege zwingen wolle. Go nabe feien die Interessen beiber Lander nicht verwandt; der Stuartiche Thron brauche keinen Brotector, Ronig Jacob fei tein Fürftenberg. Der englische Botichafter in Baris, Stelton, der die Alliang ju eifrig betrieben hatte, wurde abberufen und in den Tower geschickt; bem hollanbischen Gesandten van Citters gab ber Ronig die Berficherung, daß er um Frankreichs willen ben Frieden mit den Generalftaaten nicht brechen werbe. Die frangofisch-englische Alliang, welche von Berfailles aus aufs eifrigste betrieben marb, tam unter bem Drud biefer Difftimmung nicht jum Abschluß. Und boch mare in diesem Augenblick ein festes Bufainmengeben

mit Frankreich dem Ronig von England mehr als je vonnöthen gewesen. Deun während er mit den bochmögenden Berren in Amsterdam freundliche Worte austauichte, um fie bon bem Statthalter zu trennen, ja fogar fich bereit erklarte, mit Holland und Spanien ein Bundniß gegen ben frangofischen Ronig ju fcbliefen, hatte Bilbelm feine Borbereitungen fo weit vollendet, daß Riemand mehr zweifeln tonnte, bas von langer Sand geplante Unternehmen wurde nachstens Ludwig XIV. gab die Hoffnung auf, den in tiefer ine Bert gefett werden. Läuschung befangenen Monarchen zu einer gleichzeitigen Rriegsaction fortzureifen und begann ben Feldzug gegen Philippsburg und die mittelrheinischen Bebiete auf eigene Sand. Dies mar Jacobs Berberben: benn nun leisteten bie von der Beforgniß eines ummittelbaren Angriffs befreiten Generalftaaten dem Prinzen allen möglichen Borfdub. Der englische Ronig erblafte, als ibm fein Gefandter im Saag meldete, daß Bilhelm nachstens in See geben werde, daß die Generalftaaten nichts bon einem Bundniß mit tatholischen Machten wissen wollten, bas ich Schaaren englischer und schottischer Flüchtlinge und Ausgewanderter, jum Theil berühmte Ramen im Baag aufhielten, um an der Invafion Theil zu nebmen.

Run gingen dem Ronig die Augen über seine Lage auf. Er erkannte mit Jacob lente Schreden, wie febr er fich die Bergen des Bolls durch feine bon Kanatismus und religiöser Sinseitigkeit eingegebene Politik entfremdet hatte. Er hoffte noch burch Einlenken in andere Bahnen den drobenden Sturm abwenden ju konnen. Cine Broclamation verfündigte ber englischen Ration, ber Konig werde die Unis 21. Sent. formitatsatte aufrecht erhalten, die Ausschließung der Ratholiten vom Unterhause jugeben, alle berechtigten Beschwerben abstellen, er baue auf die Treue des Bolts. Die Bischöfe, selbst diejenigen, die vor Gericht gestanden hatten, wurden zu einer Confultation nach Bbitehall beschieden, bamit fie aussprechen möchten, welche s. Dn. Acnderungen als Bedingung ber Ausföhnung fie wünschten. Auf ihren Antrag erfolgte die Biebereinsetzung des Bifchofs Compton, die Berftellung ber Freibriefe an die Cith von London und an die Magistrate ber andern Städte, Aufhebung ber geiftlichen Commission und Bulaffung ber ausgeschlossenen Fellows im Magdalencollege in Oxford. Die ihrer Stellen beraubten Lordlieutnants, Sherifs und Beamten ber Graffchaften wurden großentheils wieder eingesett, Borteh. rungen zu freien Parlamentsmablen getroffen; Jeffreys felbft brachte ber Londoner Municipalität die Rechtsurtunden gurud und erklärte die Berfügungen ber Regulativ-Commission für ungultig. Rur bem Dispensationsrecht, das Jacob als ben wichtigften Beftandtheil seiner Brarogative anfah, wollte er nicht entfagen.

Durch diese rafche Umgestaltung feiner gangen inneren Politit, durch diese Rund- Das Dre gebung einer vollständigen Sinnesanderung hoffte der Stuart fich die Sympathien der Manifet u. Ration wieder zu gewinnen und dem brobenden Sturm vorzubeugen. Denn icon mar bie Wege das Manifest im Umlauf, das Fagel in Amsterdam entworfen, Burnet in englische Eprace und in populare Sassung gebracht hatte. Indem nun der König die darin

enthaltenen Befchwerben und Ausstellungen an feiner bisberigen Regierung befeitigte mb somit aus freier Entschließung einen Buftand fcuf, wie ihn bas Manifeft als Biel und Bwed der Invafion hinftellte, tonnte er dann nicht erwarten, daß fich alle royaliftifcen und conservativen Elemente, alle Anhanger ber Legitimitat jur Abwehr vereinigen wurden? Der Bring von Bales, beffen Cotheit bas Manifest in Bweifel gog, wurde in Gile getauft, wobei der Runtius in Bertretung des Papfies Pathenftelle übernahm, und zugleich beurtundet, bag er wirflich bas von ber Ronigin geborne Rind fei. Gt fehlte nicht an Abreffen, worin Ebelleute, Seiftliche, Stadtgemeinden, Beamte ihren Gefühlen von Treue, Anhanglichkeit, Sympathie Ausbrud gaben; benn die Doctrin bon der innigen Berbindung bon Thron und Altar, bon Ronigthum und Staatsfirche hatte tiefe Burgeln in den Bergen der Tories und der Ricchenmanner. "Aber in den großen Greigniffen tritt ein Moment ein, in welchem fein vermittelnder Schritt mehr von Birtung sein tann; fie find burch das Borangegangene umviderruflich vorbereikt und entwideln fic bann burch ihre eigenen Eriebe." Die in ber Baft und Angft bei Augenblide gewährten Bugeftanbniffe fanden doch nur wenig Bertrauen; tonnte fich ja der Ronig nicht einmal entschließen, wie ihm der Lordprafident rieth, das Parlament fofort einzuberufen. Er fürchtete die episcopalistisch gefinnten Saufer möchten fich auf Die Seite Draniens folagen.

Baltung ber General= 7. Dtt. 1688.

In benfelben aufgeregten September- und Ottobertagen, als Ronig Jacob ftaaten u. bes fich rathlos bon einem Entschluß jum andern fortsturzte, machte Bilbeim bon ofe. Oranien den Generalftaaten Mittheilung von feinem Borhaben und bat um ihre Unterftugung. Es fei tein 3weifel, daß eine Alliang zwifchen Frankreich und England bestehe; schon die Gleichartigkeit ber religiosen Intereffen muffe bagu führen. Burde nun Ronig Jacob mit Gulfe feines Bundesgenoffen Meifter über die innere Bewegung, die feinem Regierungespften widerftrebe, fo ftebe auf beiden Seiten des Ranals Freiheit und Glaube in der größten Gefahr; erfangte aber die nationale und kirchliche Opposition in England die Oberhand, fo wurde et abermals gur Grundung einer Republit tommen. Dies fei aber weber in ihrem noch in seinem Interesse. Er fei daber entschlossen ber nationalen Bartei in England beizustehen, damit die parlamentarische Berfassung, wie fie durch Geseh und Herkommen überliefert sei, damit Religion und Freiheit der Nation und zugleich bas feiner Bemahlin und ihm felbft zustebende Recht gewahrt und gefichert murben; dabei follten die Generalstaaten, insbesondere die Hochmogenden Berren von Bolland ihm behülflich fein. Seine Grunde folugen burch; gang in der Stille wurde beschlossen, ben Pringen mit Schiffen und Mannschaft bei Ausführung feines Borhabens zu unterftugen. Dem englischen Gefandten gaben fie zur Antwort, daß fie in das Unerbieten des Ronigs tein Bertrauen fegen konnten, da ja die von Ludwig XIV. angedeutete Alliang nicht in Abrede gestellt worden; doch feien fie bereit, angefichts ber in England berrichenden burgerlichen Zwietracht, auf die Berftellung eines guten Berftandniffes zwischen bem Ronig und bem enge lischen Bolte auf Grundlage ber Religion und Freiheit vermittelnd einzuwirken. Eine folche zurudweisende Antwort, worin Ronig und Ration als zwei einander entgegengesette Gewalten bargestellt waren, erschien bem englischen Sof als eine

unerträgliche Anmagung. Jacob überschüttete ben niederlandischen Gefandten mit Bormurfen gegen den Prinzen und gegen die Republit; er entließ ben Bergog bon Sunderland; ber ihn bewogen hatte, die verfohnenden Schritte zu thun, aus seinem Dienste und naberte fich bon Reuem bem frangofischen Monarchen, ber ibm durch Barrillon in freundlichfter Beife eine Gelbunterftunung anbieten ließ. Bald erlangte die französisch-katholische Camarilla wieder bas Uebergewicht in Bhitchall. Die Berhandlungen über einen Rriegebund wurden eifriger als je betrieben. Als Jacob, betroffen über eine Stelle in Draniens Manifest, wonach dieser von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Lords zu seinem Unternehmen aufgefordert worden fei, bon ben Bifcofen verlangte, daß fie gur Entfraftung biefer Behauptung bie Ungulaffigkeit jedes Widerftandes als Grundfat ber Episcopalkirche öffentlich aussprechen sollten, von diesen aber eine Weigerung erfuhr, da reate fich wieber fein ganges Gelbftgefühl und fein unbeugfamer Starrfinn. Er beichloß, fich auf fich felbft zu ftuten, bem bewaffneten Angriff mit feinem Beer und feiner Flotte bewaffneten Biderstand entgegenzustellen.

In den letten Lagen des Oftober und in den ersten des Robember 1688 Die Gins fab man an ber Seefufte von Solland ein bewegtes Leben fich entfalten. Eng. lijde und schottifche Emigranten von bobem Rang wie Lord Morbaunt, wie der Carl of Macclesfield, wie der Biceadmiral Berbert, wie Archibald Campbell Sohn bes hingerichteten Arghle; alte Genoffen Monmouths, wie Kletcher von Saltoun, Patrid hume, ber ftreitfüchtige Ferguson, Manner aller Stande, berschieben an Ansichten aber einig im Haß gegen das katholisch-absolutistische System Sacobs II. und Ludwigs XIV., brannten vor Begierde, Die Rufte der Beimath zu betreten; neben ihnen hollandifche Matrofen und Rriegeleute, Die ihrem Generalcapitan bie englische Krone, fich felbft Ehre und Bewinn erkampfen wollten : beutsche Hulfsmannschaften zu Roß und zu Tuß, welche der Rurfürft von Brandenburg feinem Berwandten jugefchickt und benen fich anderes beutsches Kriegsvoll nach alter Landeinechtart angeschloffen, um ben protestantischen Blauben gegen katholische Bergewaltigung zu vertheidigen. Bor allen aber waren die flüchtigen Sugenotten, viele hundert an Bahl, von Gifer befeelt, die erfittenen Drangfale an dem Berbimbeten Ludwigs, an der tatholischen Camarilla, an den jefuitischen Auffiftern zu rachen. An ihrer Spipe ftand ein Mann von erlauchtem Marical Namen, Marichall Schomberg. Deutscher von Geburt, Franzose durch Ergiebung und vieliährige Rriegedienste, mit bervorragenden Englandern verwandt und befreundet, war er ber geeignetfte Mann, bem Bringen als zweiter im Rang tur Seite zu ftehen. Rach ber Revocation bes Ebilts von Rantes aus Frantreich flüchtig, hatte er fich zunächst nach Portugal, dem alten Schauplas seines Ruhmes begeben und war dann, als auch bort bie engherzige Religionswuth ihm das Leben verbitterte, in die Dienfte bes großen Aurfürsten in Berlin getreten, bem er bei ber Einrichtung bes Beerwefens burch feine militärischen Renntniffe und Erfahrungen von großem Berth war. Auch bei bem Sohn und

Nachfolger Friedrich III. ftand Schomberg in hohen Chren, und es war ein ftarter Beweis von hingebung an die gemeinfame Sache, daß der Aurfürft bem Bundes, genoffen in ben Rieberlanden den geschickten Beerführer abtrat. Diese Bermifdung vielgestaltiger Elemente hatte die nothwendige Folge, daß feine extreme Richtung die Oberhand erlangte, daß der Episcopalismus in der latitudinarischen Beitbergigfeit eines Burnet mit den calvinischen Doctrinen der Bresbyterianer, Bollander, Sugenotten unter berfelben Fahne Stellung nahm.

Banbung in Devonfbire,

Es maren etwa 14.000 Mann, welche zu Anfang Rovembers fich in Selpoetflups einschifften. Die Flotte bestand aus drei Geschwadern jedes von breigehn Rriegsschiffen mit mehr als breißig Ranonen und vielen fleineren Fahrzeugen.

5/15. Nov. Um 5. November a. St. dem Tage ber Pulververschmorung stieg Bilhelm an ber Rufte von Devonshire in ber weiten Seebucht Torbay ans Land. Auf dem Hauptmaft seines Schiffes erblidte man die englischen Farben mit ber Inschrift: "Hur die protestantische Religion und ein Freies Parlament" und darunter den Bahlspruch der Nassauer: Je maintiendray. Die fonigliche Mlotte unter Lord Dartmouth hatte seiner Landung tein Sinderniß in den Beg gelegt, sei et bağ ber fonft loyal gefinnte Anführer fich nicht für ftart genug zu einem Seetampi hielt oder daß er der Buverlässigfeit der Mannschaft nicht traute. Rach der Ausschiffung rudte das heer in dieselbe Gegend vor, wo Monmouth vor drei Sahren eingezogen war. Gang Europa blidte mit Spannung auf ben Ausgang bes fühnen Unternehmens; und bem Raifer, bem Ronig von Spanien, ben tatholischen Fürsten Deutschlands mochten manche religiöse Beklemmungen burch die Bruft gieben; aber fo groß mar der Unwille über die Rriege- und Eroberungepolitit des übermuthigen Machthabers in Berfailles, der fo eben zur Berwüftung ber Rheinlande feine Anstalten traf, daß alle andern Bedenten gurudtraten, daß man in jedem Gegner Frankreichs und feiner Berbundeten einen Genoffen ber eigenen Sache erkannte. Billigte boch fogar ber Papft ben Invafionsplan bes Draniers, weil damit bem Gewaltherricher an ber Seine ein Bundesgenoffe entzogen ward.

Bebenken anderer Art wußte Bilhelm mit diplomatifder Gewandtheit ju gerftreuen. Dem taiferlichen Gof von Bien gab er die Berficherung, daß er durchaus nicht die Abficht habe, den legitimen herricher vom Thron ju ftogen. Er wolle nur der Ration zur Behauptung ihrer alten Rechte und Berfaffung behülflich fein; die Succeffionsfrage folle ber Entideibung bes Parlaments anheimgegeben werden; auch werbe er für die Abichaffung der Bonalgesete gegen die Ratholiten wirten. So murden die parlamentarifden Prinzipien mit ben Ideen bes europäifden Gleichgewichts und ber Bleichberechtigung ber Confessionen in Uebereinstimmung gefest.

### b. Flucht ber toniglicen gamilie.

Unfichere Die Landung des Prinzen und die Berbreitung seines Manifestes im ganzen Saltung bet Reich versetzte die englische Ration in eine fieberhafte Aufregung. Die Royalisten, fallelm Geer. au ihnen Stifte Mostan ber Rachfolger Sunderlands im acheimen Rath und an ihrer Spige Prefton, der Nachfolger Sunderlands im geheimen Rath und

viele geiftliche und weltliche Lords fuchten ben Ronig gur fofortigen Ginberufung eines freien Barlaments zu bewegen, mit bein er gemeinschaftlich bie Invasion gurudtreiben moge; aber bie frangofifch-tatholifche Camarilla befampfte biefes Borhaben und betrieb aufs Eifrigste die Allianz mit Frankreich. Da bei ber Armee, die fich nach ben westlichen Landschaften in Bewegung gesett hatte, um bas Borruden bes Pringen ju verhindern, Lord Cornbury, Clarendons Sohn ben Berfuch machte, brei Reiterregimenter in bas oranische Beerlager binuberjuführen, (was jedoch fehlichlug), fo beschloß Sacob fich in eigener Berson ju bem bei Salisbury aufgestellten Beer zu begeben, um durch die bem legitimen Ronig. thum inwohnende moralifche Macht auf die Gefinnung der Soldaten einzuwirten. Aber auch die nationale Partei regte fich. Wenn der Pring Anfangs betroffen war, daß seine Berbundeten nicht so rasch ale er gehofft in die Action eintraten, bag fich bei ber befigenden Rlaffe, bei ber Raufmannschaft und dem Burgerthum einige Burudhaltung bemerklich machte, so gewannen boch in Rurgem die patriotischen und nationalen Ideen die Oberhand. Auf Anregung von Edw. Semmour, ber eine Beitlang unter Rarl II. im Ministerium thatig gewesen, bilbete fich, wie jur Beit ber Ronigin Elifabeth eine Affociation, die fich verpflichtete, mit Bilhelm aufammen au balfen, "bis Religion, Gefete und Freiheiten bes Landes in einem freien Parlament unerschutterlich befestigt feien". In Exeter, wo ber Pring um die Mitte Rovembers feinen glangenden Gingug feierte, murde feine Erflarung, daß er gekommen fei, um bem Papismus und ber Billfürherrichaft ein Ende ju machen, die alten Rechte und Freiheiten gurudzuführen, mit großer Begeisterung aufgenommen. Bon entscheibendem Gewicht aber mar die Stimmung im Beer. Die beiben angesehensten Felbhauptleute, Grafton und Churchill gehörten ber nationalen Partei an; die Offiziere und Gemeinen waren erbittert und migberanuat, daß fo viele Ratholiten aufgenommen und befördert worden; das Berübergieben ber irischen Regimenter hatte ben Berbacht erwedt, bag man fich ber verhaßten Papiften zu ihrer eigenen Ueberwachung und Darniederhaltung bedienen wolle. Es erregte Berftimmung, daß Jacob, anftatt von Salisbury aus, wo er am 19. November eingetroffen, gegen bas feindliche Beerlager vorzuruden ober ein Treffen zu magen, auf ben Rath ber frangofisch-tatholischen Naction in seiner Umgebung, insbesondere des fo verhaften und verachteten Bord Feversham, den Rudzug über die Theinse anordnete, um die Hauptstadt zu beden, und sein Sohnchen in Sicherheit ju bringen. Man hatte ihm ben Argwohn eingeflößt, bie Anführer wollten fich feiner Berfon bemachtigen und ihn bem Bringen ausliefern. In ber nachsten Nacht ritten Churchill und Grafton mit mehreren Offis gieren in bas Dranische Lager hinüber. Dies gab bas Beichen gu einem allgemeinen Abfall. Täglich fab man Landedelleute mit bewaffneten Rnechten nach dem Ariegeschauplat reiten; in allen Graffchaften erfolgten Rundgebungen protestantifch.patriotischer Sympathien. Die Gerüchte, bag ber Ronig Lud. wigs XIV. Bulfe angerufen, daß frangofische Galeeren mit Rriegsmannschaft nachstens an Englands Rufte lauben wurden, fleigerten bie Aufregung. Da und bort wurden Papiften entwaffnet und in Gewahrsam gebracht; Alles brangte fic aur Unterzeichnung ber Affociationsatte; in ben wichtigen Seeplaten Blomouth und bull wurde bie oranische Jahne aufgepflangt; als Bilbelm in Salisburg einzog, wurde er von dem Magistrat, der Geiftlichkeit und ber Burgerschaft wie ein regierender Fürst empfangen. Bahrend ber Rudreise nach London murbe ber Ronig wie von Siobspoften verfolgt. Selbft in feiner nachften Rabe zeigte

24. Nov. fich Abfall und Berrath. In Andover verließ ihn fein zweiter Schwiegersohn, Bring Georg von Danemart, ber Est-il possible wie man ihn naunte, weil er bei jeder unerwarteten Radricht in jenen Ausruf der Verwunderung ausgebrochen war. Bald folgte ihm feine Gemablin Unna in bas oranische Lager, nicht aus Liebe au dem unbedeutenden und beschränkten Cheherrn, sondern weil fie mit ber Lady Churchill durch den Bund innigster Freundschaft und Liebe vertnüpft war.

Rathlofig= Bie war Alles verändert, als Jacob am 27. Rovember wieder in London einmittelunge jog! Das gange Land in Gahrung oder unter Baffen, allenthalben Aufrufe und versuche. Proclamationen voll leibenschaftlicher Ausfälle gegen die Regierung, ben Ronig felbft, bie gange Stuart'iche Opnaftie; die Landarmee ber Auflojung nabe, die Seemannschaft unguberlaffig. Jacob II. gewahrte jest gu feinem Schreden, wie gefahrlich es fei, dem Grundfate Raum ju geben, daß man Gefete und Gibidwure durch fophiftifche Deutung umgeben tonne. Denn wie er feinen Rronungseid und die Teftatte bei Seite gefchoben, fo hielt fich auch die Ration nicht langer an ben Grundfas vom paffiben Gehorfam und bon ber Gesehwibrigkeit eines bewaffneten Biberftanbes gebunden. Fürft an die Stelle bes Rechtes Billfur und Gewalt fege, hieß es in mancher Proclamation, fo seien die Unterthanen durch bas Geset ber Rothwehr berechtigt, bemfelben ju widerfiehen. Der Boden, auf dem er fich bewegte, war durch Berrath, Beuchelei und Meineid, womit die Stuarts das englische Bolt vertraut gemacht, wankend geworden. Der baß gegen die frangofisch-tatholische Faction, auf die ber Ronig fich geftust, war die vorherrschende Empfindung im Lande. Rach seiner Antunft in London 27. Rov. machte Bacob noch einen Berfuch, burch Aenderung feines bisherigen Regierungsfpstems ben Sturm gu befdworen. Er berief die in der Stadt anwesenden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Beers zu einer Berathung nach Bhitehall und zeigte fich geneigt, auf Mitte Januar ein Parlament einzuberufen. Er betam viel zu horen, mas feinen Berrfcherfiolg tief berlette, bennoch magte er nicht zu wiberfteben, als fie verlangten, bas er gleichzeitig mit den Bahlausschreiben eine allgemeine Amnestie ankundige, damit ein freies Parla-

anknupfe, damit durch gemeinschaftliche Berathung die Mittel und Bege fur die nothwendigen Reformen gefunden werden möchten. Bie fehr es ihm auch gegen ben Sinn ging, er schidte Bevollmächtigte in bas oranische Beerlager, um ben Pringen aufzuforbern, fich nicht ber Sauptftadt ju nabern; er fei bereit, alle Befchwerden, die jener in feinem Manifeft als Urfache feiner Beerfahrt angegeben, mit Gulfe der beiben Baufer abzustellen, bagu bedürfe es eines Parlaments, bas ungestört bom Getofe ber Baffen und unabhängig bon aubern Ginfluffen in freier Berathung feine Befdluffe faffen konne. Bu diefer Miffion ernannte er Manner, die ohne daß er es abnete icon lange au den Anhangern des Pringen gehörten, wie Balifag, Rottingham, Godolphin. Marendon Bu gleicher Beit begab fich auch Lord Clarendon in das Sauptquartier, das von Salis-

burt nach Sungerford verlegt worden war, um feine Bermittelung anzubieten. Da ja

ment zusammentreten tonne, und daß er mit bem Prinzen von Oranien Unterhandlungen

Bilbelm in seiner Declaration die Entscheidung dem Parlamente anheimgestellt und ber Ronig nunmehr zu deffen Ginberufung fich entichloffen habe, fo fei ein befriedigender Ausgleich wohl noch möglich. Man konne dem Ronig Titel und Rang laffen, Die Administration bagegen in die Bande bes Bringen legen. Seine verwandtichaftliche Stellung ju beiben, fo wie fein Unfeben bei ben Lories und Spiscopalen machte ibn zu der Miffion eines Bermittlers befonders geeignet. Aber die königlichen Commiffare, vor Allen der Auge halifag arbeiteten ihm entgegen. Der gewandte Lord, der fich stets über den Parteien zu halten gewußt, niemals der frangöfisch-katholischen Faction gedient hatte, tonnte tein Bertrauen mehr zu bem Stuart faffen : er verlangte gange Arbeit : "nur auf einer neuen Gewalt tonne man ein neues Gebaude errichten ; nur wer bas Land von Bapfithum und Rnechtschaft erloft, tonne in Butunft bas Regiment führen." Diefer Ansicht mar auch Bifchof Burnet; beibe tannten bie öffentliche Detnung, die fich in zahllofen Blugschriften, Liedern, Rundgebungen gegen Papismus und Frangofenthum aussprach. Und in der That war jeder Bersuch einer Bermittelung ein Danaidenwert. Bie hatte der König zugeben follen, daß, wie verlangt murde, mabrend der Barlamentssigungen der Bring in London anwesend, fein Deer in der Rabe fei? wie hatte er die Ratholiken, benen er allein noch traute, aus dem Militar und aus den Aemtern entfernen ober ben Sower ben Stadtbeborden überliefern follen, wie weiter verlangt ward? Bar dann nicht zu befürchten, daß man fich des kleinen Prinzen von Bales bemachtige und ihn in der protestantischen Lehre erziehe? Bereits ließ er den Bedanten an die Ginberufung eines Barlaments wieder fallen und nahm abermals feine Buflucht zu Frankreich. Er meinte, wenn Ludwig eine Flotte in den Ranal fende und einige Mannicaft unter einem geschidten Beerführer ans Land fege; tonnte es wohl geschen, daß die englischen Truppen und Seemannschaften, die noch treu geblieben fich mit den Frangofen vereinigten, und er folieflich boch noch Deifter feiner Feinde wurde. Aber wie konnte fich ber frangofifche Ronig, wahrend er felbft mit einem großen Krieg beschäftigt war, auf ein solches Unternehmen einlaffen?

Immer fcwieriger murbe die Lage bes Ronigs. Gin unter ben Ginbruden Blucht ber bes Tages einberufenes Parlament batte ihm unfehlbar brei Bedingungen 'ge- Samilie. stellt, bie ihm unerträglich maren: Anschluß Englands an bie europäische Alliang gegen Frankreich, Entfernung aller Ratholiten aus Beer und Memtern und protestantifche Erziehung des Rronpringen. Die versprochenen Ausschreibungen ju Parlamentsmablen murden baber gurudgehalten. Und fo groß war feine Sorge um den fleinen Sohn, daß er benfelben nach Portsmouth bringen ließ aur fichern Ueberfahrt nach Frankreich. Allein ber fonft bem Ronig treugefinnte Abmiral Dartmouth wollte die Berantwortung für eine folche Sandlung nicht auf fich nehmen; ber Thronerbe mußte nach Sondon gurudgefchafft, ein neuer Beg ber Flucht gefucht werden. In einer falten Decembernacht wurde die Ro. 9. Derbr. nigin mit ihrem Saugling und ber Umme bon zwei frangofischen Sbelleuten, ben Grafen von Lauzun und St. Bieter, auf ein Schiff gebracht und nach Calais entführt. Als die garte Italienerin wehklagend die geheime Treppe hinabstieg, um zu ber Barte zu gelangen, troftete Jacob die Scheibende mit dem Berfprechen baß er balb nachfolgen werbe. Und icon am nachsten Sag, mahrend bie Unterhandlungen in Sungerford noch fortbauerten, brachte er feine wichtigen Babiere in Siderheit, übergab die ausgefertigten Bablausschreiben zum Parlament ben

Decbr. 1688.

Klammen und traf alle Anstalten zur beimlichen Flucht. An einen erfolgreichen Biderstand seiner Truppen konnte er nicht mehr glauben, seitbem 600 Irlander und Schotten in Reading beim Anruden einiger feindlichen Reiterschwadronen in wilder Flucht auseinander geftoben maren. Bergebens fuchte Barrillon den Ronig von dem Borhaben abzubringen, das, wie er mohl einsah, bem Ginfluffe Frankreichs in England für immer ein Ende machen murbe: Jacob beharte auf feinem Entschluß. Rachdem er in einem Schreiben an Lord Febersham die 10. auf 11. Auflösung seiner Armee angeordnet, sette er in tiefer Racht über die Themse. warf

im Angesicht von Lambethhouse bas Reichssiegel, bas er forgfältig gehutet batte, in den Strom, damit nicht mahrend seiner Abwesenheit Umte- oder Berichtehandlungen wider feinen Sinn borgenommen werden mochten, und fubr bann in einem bereitstehenden Bagen nach Eveslan-Ferry, wo er ein offenes Boot bestieg, Anarchie das ihn nach dem Ranal bringen follte. Er hatte auf den Morgen den geheimen

in Bondon. Rath nach Bhitehall beschieben, um jeden Berdacht niederzuhalten. Rainmerherr Rorthumberland ben Barrenden eröffnete, bag bas Gemach bes Rönigs leer fei, wurde Alles von Schreden und Bestürzung erfaßt. Mit wunberbarer Schnelligkeit verbreitete fich bie Rachricht über Stadt und Land und gerriß alle Bande bes Gehorfams und ber obrigkeitlichen Autorität. Bar boch ber Träger ber öffentlichen Gewalt verschwunden. In London richtete fich die Boltswuth gegen die Ratholifen; man griff ihre Saufer, ihre Kapellen, felbft die gefandtichaftlichen Botels einiger tatholischen Machte an; man forschte nach Betre, nach Sunderland, nach dem Lordkangler Seffrepe. Den beiden erften gelang ce. fich verkleidet über bas Meer zu retten, Jeffreys bagegen wurde entdect, unter Insulten und Dighandlungen bor ben Lordmapor geführt, ber ihn im Lower Dort ift er einige Monate barauf gestorben, ebe er vor in Sicherheit brachte. Bericht gestellt werden tonnte. Auch der papftliche Runtius wurde festgehalten, bis ein Bag bes Bringen von Oranien ihm die Rudtehr nach dem Continent ge-Die Roth der Beit, die Gefahren einer brobenden Anarchie erforderten stattete. schleunige Bulfe. Daber traten noch an bemfelben Tag die in London anwesenben ober in ber Rabe feshaften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Lords mit bem Stadtrath in Guilbhall zu einer Berathung gufammen. Sie trafen Anordnungen gur Erhaltung der öffentlichen Sicherheit und erließen eine Erklärung, daß das Barlament, deffen Einberufung durch den Ronig nunmehr unthunlich geworden, bennoch fo balb als möglich zusammentreten folle, um vereint mit dem Bringen von Oranien die von Jacob II. verlette Berfassung des Landes und ber Rirche Bor Allem mußten Unftalten gur Berhinderung von Frevel und berzustellen. Ausschreitungen getroffen werden, benn bie Schreden ber "irlanbischen Racht", als sich plöglich das Gerücht verbreitete, die in der Nähe der Hauptstadt stehenden inschen Regimenter hatten es auf Ermordung und Plunderung der protestantischen Bewohner Londons abgesehen, stellten die Rothwendigkeit obrigkeitlicher Schusmaßregeln dringend vor Augen. Es war daber gang im Sinne ber Magnaten, daß

# III. England unter ben zwei lesten Stuarts u. Bilhelm III. 553

der Bring auf die Runde, der Anführer der Leibgarde und ein anderer Befehlshaber habe fich für ihn erklart, in die Rabe ber Sauptstadt vorrückte, ben Lord Feversham, weil er die königlichen Truppen aufgelöft hatte, in Baft nahm und jur Berhutung von Gewaltthatigkeiten zwedmaßige Befehle ausgeben ließ.

Da wurde der Oranier durch die unangenehme Nachricht überrascht, König Der Konig Jacob fei wieber in Bhitehall. In der That mar er von herumftreifenden Bbiteball. Fischereleuten, die an der Rufte Jagd auf flüchtige Papisten machten, aufgegriffen 1688. und ohne daß die Menge eine Ahnung hatte, wer er fei, ausgeplündert, dann unter Schmabungen und Thatlichkeiten als Gefangener nach Faversham geführt worden. Sier wurde er erkannt und gegen weitere Insulten geschütt. Aber weber Bitten noch Drohungen bermochten die Ginwohner zu bewegen, ihm zur Fortfetjung feiner Fahrt behülflich zu fein. Unter tumultuarischem Geleite wurde Jacob nach London gurudgebracht. Trop einzelner Beweise von Chrfurcht und Ergebenheit, die ihm auch jest noch zu Theil wurden, konnte er doch leicht bemerken, daß es mit feiner Macht und Autorität vorbei war: Die Ebelleute, Die unter Balifag' Borfit eine Art provisorischer Regierung gebildet hatten, waren in ihren Unterhandlungen mit bem Pringen ichon zu weit gegangen, als daß fie batten zurudtreten konnen; und wenn fie es verfucht batten, ware die Ration ihnen nicht gefolgt. Es waren bittere Stunden, die Jacob nach seiner Rudfehr in den königlichen Bemachern verbrachte; er faßte einen Beschluß nach bem andern; alle scheiterten an der Macht der Berhaltniffe. Bald wollte er fich unter die Obhut der Lonboner Burgericaft ftellen, bis bas Parlament eine Entscheidung getroffen batte: die Albermen wollten die Berantwortlichkeit für seine Person nicht übernehmen; bald suchte er eine Unterredung mit seinem Schwiegersohn zu erlangen, aber ber Bring, ber mittlerweile bas Schloß Bindfor zu feinem Aufenthalt gewählt, lehnte aus Rudficht feiner Sicherheit die Bufammentunft in London ab. Leicht hatte Bilhelm die Gefangennehmung des Ronigs erwirten tonnen. Aber was follte er mit ihm beginnen? Biel lieber mare es bem Pringen gewesen, wenn ihn die Schiffer batten entflieben laffen.

In diesem Bunsche stimmten beide überein. Auch Jacobs ganzes Trachten 3acobs abwar barauf gerichtet, nach Frankreich zu entfommen. Er zweifelte nicht, daß er grankreich mit Ludwigs Bulfe balb wieder gurudtehren tonne und bag bie Bermirrung des gonbon. Reichs, die, wie er ficher voraussette, feiner Entfernung auf bem Ruge folgen muffe, die Sehnsucht nach feiner Restitution fo lebhaft erweden murde, wie einft in den letten Beiten der Republit. Gleich dem Bruder wurde er bann mit Begeifterung aufgenommen, die Prarogatibe willig anerkannt werden. Als ibm der Pring durch Salifag und zwei andere Lords ankundigen ließ, bag er Beftminfter zu verlaffen habe, war es ihm daher gang erwunscht, daß man ihm gestattete, seinen Aufenthalt in der Scestadt Rochester zu nehmen. Bon dort aus tonnte er die Ueberfahrt leichter bewerfstelligen. Rach seiner Abreise besetzten oras 18. Decbr. nische Truppen die wichtigsten Boften von London, indes der Pring felbst, von

bem Lordmapor und ben Gemeindebehörden eingeladen, unter den jubelnden Burufen bes Boltes an der Seite Schombergs seine Einfahrt hielt und die Ge-

macher bes Palaftes von St. James bezog. Run war Bilbelm Berr und Reifter von England; die Landarmee ftand ju feiner Berfügung; die Flotte barrte feiner Befehle. Riemand batte ibn bindern tonnen, fich der Rrone ju bemachtigen und es bat nicht an Stimmen gefehlt, die ibm zuredeten, er solle wie einft Beinrich VII. fich querft auf bem Throne feftfegen und bann in berkommlicher Beise bas Barlament berufen. Aber damit hatte er gegen sein Manifest, gegen die den euroväischen Mächten gegebenen Busagen gehandelt; bas mar nicht in feiner Art. 21. Decbr. Bie freuten fich die geifilichen und weltlichen Beers, die er am 21. December um fich verfammelte, aus feinem Munde ju vernehmen, bag er auf ihre Ginladung über bas Deer getommen fei, um im Berein mit einem freigewählten Barlament für Berftellung ber Rechte und Freiheiten bes Ronigreichs und ber Religion Sorge zu tragen. Indem er fich felbst nur das Recht vorbehalte, die militari. fchen Angelegenheiten nach feinem Ermeffen zu leiten, überlaffe er ihnen die Bestimmungen über die bürgerliche Regierung und über die Ginberufung des Bar-Das war eine mannliche That in Worten. Run lag nur die Frage vor, wie man ben Billen ber Ration in gefehmäßiger Beise erforschen tonne. Die Hochtories hielten an bem Glauben fest, ber Ronig felbft, ber ja noch im Lande weilte, mochte fich bewegen laffen, die Ginberufung eines Barlaments in berkommlichen Formen anzuordnen; zu dem Ende schickten fie eine Debutation nach Rochester. Allein Jacob ließ fie nicht bor, er hatte seiner Gemablin versprochen, ihr innerhalb vierundzwanzig Stunden zu folgen; es war ihm leid genug. baß bies burch äußere Umstände unmöglich geworden war, nun brangte es ibn. die Abfahrt zu beschleunigen. Auch hielt er es für unvereinbar mit seiner religiosen Pflicht, eine Berfammlung ins Leben zu rufen, welche ohne Zweifel auf dem Fortbestehen des Testeides beharren wurde. Er verweigerte daber den Beers. benen er ohnehin wegen ihrer illopalen Saltung mahrend ber Rrifis grollte, Die nachgesuchte Audienz und bewertstelligte feine Abreife, an ber ihn nun Riemand 25. Deebr. mehr verhinderte. Rach einer fturmischen Ueberfahrt landete Sacob II. gu Ambleteuse an ber frangofischen Rufte und eilte nach St. Germain en-Labe, wo Ludwig XIV. feiner Gemablin und bem tleinen Ehronerben eine Bufluchteftatte bereitet und mit verschwenberischer Bracht ausgestattet hatte. Der frangoniche Monarch umarmte feinen Schützling und führte ihn felbft ber Ronigin gu. Bugleich wies er mit freigebiger Band bie Unterhaltungstoften für einen glangenden Hofftaat an. "So verließ Jacob bas Steuer, bas er nach einem falfchen Bolarftern gerichtet hatte", aber voll hoffnung balb wieder mit fremder bulfe gurud.

zukehren, das Reich aus der unvermeiblichen Berwirrung zu retten, seinen Glaubensgenossen eine gesehliche Stellung, der Prarogative neue Geltung zu

verichaffen.

#### c. Die neue Staatsordnung.

Allein wie Eraume bei Anbruch des Tages fo zerrannen Diefe Poffnungen Die Convenind Entwurfe bes Ronigs bor ben Ereigniffen, Die feiner Abreife auf bem Tupe Bring olgten. Berftimmt über bie Burudweisung traten bie Lorde zu einer Berathung jusammen, wie man jest, nachdem der Konig felbst das Reich aufgegeben, zu inem geordneten Staatswefen gelangen tonne. Unter bem Impulfe ber thatjächlichen Lage erhielten die Bhigs die Oberhand. Sie tamen zu dem Entschluß, eine Convention d. h. eine parlamentarische Berfammlung ohne königliche Ausichreiben einzuberufen und ben Prinzen von Dranien zu erfuchen, babei mitzuwirfen und bis zum Busammentritt ber Stande die Abministration bes Lanbes in die Sand zu nehmen. Bu dem 3wed lud Bilhelm alle Mitglieder, die in den Parlamenten Rarls II. gesessen hatten nebst dem Lordmagor und dem Stadtrathe bon London zu einer Busammenkunft ein. Sie fand im Sigungssaal bes Unter. 26. Deebt. hauses ftatt, nicht als ob fich die Berufenen für ein rechtmäßiges Parlament angesehen hatten, sondern weil dieser Raum allein groß genug war, die Menge zu faffen. Das Refultat ihrer Berathung war ein Ansuchen an ben Prinzen, er moge die Regierungsgewalt interimiftisch in die Sand nehmen und die gur Bahl einer Convention erforderlichen Ausschreiben erlaffen. Denn in Irland und in Schottland traten bereits Erscheinungen zu Tage, Die, follten fie nicht zu Anarchie und Burgerfrieg fich fleigern, ein festes auf militarifche Macht gegrundetes Regiment nothwendig machten. Bilhelm von Oranien tam ber Aufforderung ber Berfammlung nach. Bahrend die Bahlen zu ber Convention in herkommlicher Beise vor fich gingen, handhabte er die öffentliche Gewalt mit koniglicher Autorität und fand überall willigen Gehorfam. Aus bem Landheer und ber Marine wurden die tatholischen Offiziere und alle Elemente von zweifelhafter Treue entfernt, wobei Lord Churchill bem Regenten behülflich war; eine Anleihe von 100,000 \$ St. für den Staatsbedarf tam in vier Tagen durch freiwillige Beitrage jufammen; wo bie Bahlen borgenominen wurden, zogen fich die Eruppen jurud, um jeben Schein einer Ginwirfung ju bermeiben. An bem bestimmten Tag, 22. Januar alten, 1. Februar neuen Stile trat Die Convention gusammen, 1. Bebr. sowohl die neuen gewählten Gemeinen als die erblichen Peers, die Bischöfe und Lords. Die ganze gesetzgebende Macht trug bas Geprage eines regelmäßigen Parlaments, nur ohne bie Autoritat eines Ronigs. Beide Baufer begrüßten in einer Abreffe ben Prinzen als bas glorreiche Bertzeug zur Befreiung bes Ronigreiche von Bapfithum und Anechtschaft, sprachen ibm ben Dant der Ration für feine bisherige Berwaltung aus und ersuchten ihn bis zur Bollendung ihrer constituirenden Arbeiten die Regierungsgewalt in derselben Beise fortzuführen.

Seit einem halben Sahrhundert waren die fundamentalen Begriffe des eng. Der Thron lifchen Staats fo vielfeitig entwidelt und flargeftellt, die Pringipien einer reprafen. erftart. tativen Erbmonarchie von ber Grenglinie republifanischer Selbstverwaltung bis

zum göttlichen Ronigerecht und zum passiven Gehorsam so eingebend erörtert und durchgeführt worden, daß die Debatte über die Constituirung und Rechtsordnung bes fünftigen Staatslebens, welche die Gemeinen in der freien Form eines Aus-28. 3an. fouffes des gangen Saufes eröffneten, einem rechtspolitifchen Rampfe glich, in 1659. welchem Tories und Bhigs einander in Schlachtordnung mit scharfen Baffen gegenüberstanden. Daß ber Thron erledigt fei, tonnte nicht bestritten werden; aber ist diese Erledigung als eine freiwillige Riederlegung ber Krone zu betrachten, bie durch eine Regentschaft bis jur Rudtehr ber gesetlichen Ordnung ausgeglichen werden moge, oder als eine Berwirfung der Krone in Kolge gesetwidriger Berlegung des Urvertrags durch Gewaltthat und Thrannei, welche eine Ausschließung vom Thron, eine Abschaffung ber erblichen donastischen Rechte als nothwendige Bergeltung und Gubne nach fich führe? Alle die hoben Staatsfragen von Bolfifouveranetat und Unantaftbarteit des Erbfonigthums, von erlaubtem Biderftand und paffibem Behorfam traten wie die Feldzeichen zweier Beertorper in bas Gefecht ein. Die Anfichten ber Bhigs hatten die Sympathien ber Mehrheit des Bolles für sich; doch war das Bedürfniß einer Berständigung auf einer mittleren gemäkigten Grundlage fo allgemein, daß man alle fchroffen Aufftellungen zu vermeiben fuchte. Man gab in fo weit den Tories nach, daß man eine freiwillige Entfagung, eine Abdication des Ronigs gelten ließ, in Folge deren der Thron in Erledigung getommen fei; daß somit die Ausschließung nicht als eine Absehung durch bas Boil sonbern als eine Folge ber eigenen Sandlungen bes Ronigs aufgefaßt murde Aber mit der Annahme einer "Bacang" des Thrones war doch auch die Unterbrechung ber regelmäßigen Erbfolge verbunden und damit ber Sieg des Bbig. gismus ausgesprochen. Rach langen Debatten vereinigte fich bas Saus ber Ge-28. San. incinen zu dem Befchluß: "Rönig Jacob II. hat durch feinen Berfuch die Ber-

faffung diefes Konigreichs zu vernichten, indem er den ursprünglichen Bertrag awischen Rönig und Bolt brach und auf den Rath der Jesuiten und anderer gonlofen Leute die Grundgesetze verlette, fo wie durch seine Entweichung aus bem Königreiche ber Regierung entsagt, und ber Thron ift badurch erlebigt." Am 29. 3an nachsten Tag, mahrend bas Oberhaus über ben Befchluß ber Gemeinen in Be-

rathung eintrat, wurde ale Bufat ber weitere Antrag angenommen : "Rach ber Erfahrung ift es mit ber Sicherheit und Boblfahrt Diefes protestantischen Konigreichs unverträglich, bag es von einem papistischen Ronig regiert werbe."

Uebertra=

Die Lords trugen Bedenken, Die Untrage ber Commons anzunehmen; fie gung ber timiglichen brachten mehrere Menderungen zu Gunften des Erbrechts der Krone in Borfchlag. Bilbelm u. Die Sochtories, unter ihnen die meiften Bischöfe waren der Meinung, Bilbelm Declaration bon Oranien follte als Pring-Regent die Bermaltung übernehmen, der nominelle ber Bechte. Besit ber Krone aber bem legitimen König gewahrt bleiben. Als diefer Borschlag durch feine eigene Baltlofigfeit und Unausführbarteit fiel, überlegte man, ob nicht bas Erbrecht ausschließlich auf die Tochter Jacobs übertragen werden follte? Der Dranier ließ die Berathungen und Redeschlachten rubig bor fich geben, er

war troden und schweigsam wie sein großer Ahnherr; aber sobald man fich zu einem entfcheidenden Schluß einigen wollte, wußte er durch feine Bertrauten Bentind oder Dufvelt feine Meinung unter die Leute zu bringen. Er habe nichts gegen eine Regentschaft, nur werbe er biefe Stellung nicht annehmen, sondern nach Solland gurudfehren und nach wie vor Statthalter bleiben. Bolle man ber Bringeffin Maria die Krone zuwenden, so fei ihm auch bas gang recht; nur durfe man nicht erwarten, bag er als Diener und Unterthan feiner Gemahlin, als Ronig-Confort in England bleiben und, wenn fie bor ihm fterben follte, wieder beimgeben und feiner Schmagerin Anua ben Blat raumen werde. Gine solche Bendung fließ aber bei ber Ration auf ben entschiedensten Biderspruch, auch war weder Maria noch Anna bamit einverstanden. Der einzige Ausweg, auf den Bilbelin felbst hinwies, mar die Uebertragung der Ronigswurde auf beide Cheleute, fo daß Maria's Rame in allen königlichen Erlaffen neben bem seinen genannt werbe, die Regierungsgewalt aber allein und bis zu seinem Tod bei ihm ftebe. Sollte seine Che kinderlos bleiben, so möchte das Erbrecht an Muna und ihre Rachtommen übergeben, felbft in bem Fall, daß er in einer zweiten Che Nachkommenschaft erzielen follte. Und diesen Beg betrat nunmehr auch bas Oberhaus, indem es besonders auf. Betreiben ber Lords Danby und Salifax mit großer Mehrheit ben Befchluß faßte : ber Bring und die Bringeffin von Oranien jollten fortan Rönig und Rönigin von England und ben bazu gehörigen Gebieten sein. Aber gewarnt durch die bittere Bergangenheit wollte man nicht wieder vertrauensielig fich ohne Rudhalt bem Rouigthum in die Urme werfen. Eine aus rechtsfundigen und erfahrenen Dannern beider Baufer gebilbete Commiffion trat ju einer Conferenz aufammen, welche in einer Art Berfaffungsentwurf, "Ertlarung ber Rechte" genannt, die Fundamentalfage aufftellte, die in Butunft als Bafis des öffentlichen Bebens in England Geltung haben follten. Und bier maren es die Gemeinen, insbefondere Sampben und Richard Temple, jener ber Enkel. biefer ber Reffe ber uns befannten Staatsmanner, welche ben Lords bie Dahnung quriefen: "Sichert eure Freiheiten! " Gine Beitlang hatte es ben Anschein, als follten die Forberungen des langen Barlaments wiederholt werden, als wolle die gesetzgebende Gewalt allzu tief in bas Bereich ber ausübenden eingreifen; aber auch diefe Gefahr wurde burch ben verftanbigen, umfichtigen Prinzen abgewendet. Beft erklarte er: "er fei nach England gekommen, um Gefete und Freiheiten berzustellen, aber nicht um die Krone ihrer Rechte zu berauben; er werbe teine Beschräntung annehmen, die nicht aus ben Gesetzen hervorgebe, die Prarogative nicht zerftoren laffen."

So wurde denn auf Grund der beclaratorischen Artifel ein neues Staats. Die Bill of grundgefet vereinbart, welches von beiben Saufern genehmigt, von bem Ronig bestätigt als "Bill of Rights" die Standarte der parlamentarisch-monarchischen Staatsverfaffung geworden ist, eine neue Magna Charta, welche die alten Satungen und Rechte ber Ration gegen Billfur und Digbrauch der Prarogative

ficher stellte, ohne boch ber Burde und Dajeftat ber Rrone zu nabe zu treten, und

die tatholische Linie der Stuarts von der Erbfolge ausschloß. Man band dem neuen Ronig nicht die Sande durch eine Capitulation; aber indem man die ungesetlichen Eingriffe der vergangenen Regierung einzeln aufgablte und das alte unzweifelhafte Recht bes englischen Boltes gegenüberftellte, bas im Rronungseid anerkannt und bestätigt werden follte, murbe bas richtige Berhaltniß amifchen gesetzgebender und executiver Gewalt festgesett. Durch die Annahme ber "Declaration ber Rechte" bei Gelegenheit ber feierlichen Uebertragung ber Krone an ben 12. 13. Bebr. König Bilhelm und die Königin Maria in Bhitehall, geftand der Dranier zu, bas die vorgebliche Befugniß ber Arone, von Gefegen gu bispenfiren und Gefege ruben au laffen, ben Grundrechten bes Königreichs auwider fei und nicht ferner in Anspruch genommen werden follte; daß ohne Bewilligung des Parlaments keinerlei Steuern und Abgaben erhoben und tein ftebendes Beer errichtet werben burfte, daß, um die Billensmeinung des Laudes ju erforschen, eine öftere Ginberujung ber Reichsftande erforderlich fei, daß die Gerichte unabhangig von der Regierung und die Minifter für ihre Amtshandlungen bem Parlamente verantwortlich fein mußten, ohne daß ber Rrone babei ein Begnadigungerecht juftebe. In Beziehung auf die Rirche wurde die Gultigfeit der Uniformitätsatte und des Tefteides feftgehalten: aber die Barte diefer Beftimmung, die mit der milberen Unschauungs weise der Beit und den latitudinarischen Tendenzen der Bhige und einiger Aleriser bon ber Gefinnung Burnets in Biberfpruch ftand, burch erläuternde Erffarung bon Seiten ber parlamentarischen Wortfichrer wie des calbinischen Ehroninhabers, baß es auf teine religiofe Berfolgung abgefeben fei, ermäßigt und abgeschwächt. Dies ging ichon aus der Aufhebung der von Jacob II. erneuerten "boben Commission" hervor. Die Ideen ber Colerang, ber Gewiffensfreiheit, ber Gleichberechtigung der Confessionen, die unter ber vorigen Regierung ju einer beuch lerischen Maste migbraucht worden waren, konnten unter ben obwaltenden Umftanden nicht zur gesetlichen Geltung tommen, angesichts eines europaischen Rrieges, bei bem die religiofen Intereffen von wefentlichem Ginfluß maren.

Die Jacos biten.

dem Sinne Aller, wie sich bald zeigte. Die zum regelmäßigen Parlament umge20. Febr. staltete Convention beschloß, um das "Settlement" zur Bollendung zu führen,
die Krönung anzuordnen, wobei von Seiten des Königs die Rechte und Freiheiten des Staats und der Kirche beschworen, von Seiten der Kation dem Königspaar der Eid der Treue geleistet werden sollte. Die Ceremonie wurde in Best-

Die gemäßigte latitudinarifche Religionsrichtung mar jedoch feineswegs noch

11. Apr. minsterabtei in herkömmlicher Form vollzogen. Run weigerte aber ein großer Theil der bischöflichen Geistlichkeit den Huldigungs- und Treueid, die Einen aus Anhänglichkeit an die Grundsätze der Legitimität und der Rauressstenz, die Anderen aus hochkirchlichem Eiser, weil sie von dem ealvinissischen König, der eine Milderung der strengen Gesetze gegen die Diffenters anstrebte und den Presbyttrianern die Hand der Berschinung reichte, für die Herrschaft ihres hierarchischen

Spftems Gefahr fürchteten. Das Barlament ließ ihre Einwendungen nicht gelten : die Staatsgewalt, die ben Gib geschaffen, behauptete bas Unterhaus, tonne benselben and anbern. Als die Gidverweigerer (Ronjurors) nach Ablauf eines bestimmten Termins in ihrem Biderftand beharrten, wurden fie als Ronconformisten ihrer Stellen entsett. Sie bilbeten mit ben torpftischen Begnern bes Settlement die Bartei der "Jacobiten", welche in hoffnung balbiger Rudtehr des Stuart's ichen Berrichers als Berfechter legitinniftifcher und hierarchischer Grundfage gegen. über der "Revolution" fich thatig zeigten. Ihre Opposition mehrte fich als die neue whigistische Regierung burch bie sogenannte "Comprebenfion" ben Presbyterianern und protestantischen Diffenters religiose Tolerang und Bugang zu ben Aemtern ju gewähren fich bemubte. "Die Gibverweigerer ehrten fich und bas Sauflein ihrer Anbanger als die wahre Rirche; fie consecrirten ihre eigenen Bischöfe und lentten vom Sintergrunde aus die ichroffere Bartei des ftaatsfirchlichen Rlerus". --Defto bereitwilliger gaben die Schotten ihre Buftimmung au bem Thronwechsel. Auch in Chinburg war eine Convention jusammengetreten und batte "Rechtsforderungen" aufgestellt, welche gleich ber englischen Declaration Bicberberftellung ber von den Stnarts verletten alten Gefete und Freiheiten verlangten. Gine Deputation überbrachte diefe "Forderungen", unter benen die Abschaffung des Episcopats und die Rucführung der presbyterianischen Spnodalberfaffung in erfter Linie ftanden, und bot gegen Gemahrung berfelben bem Ronigspaar Bilhelm und Maria auch die schottische Krone an. Bilhelm ging auf den Patt ein, 11. Mai nachdem die Gesandten ihm auch ihrerseits die Berficherung gegeben, daß es dabei nicht auf eine Religionsverfolgung abgefeben fei. Go wurde in beiben ganbern der kirchliche Buftand bergeftellt, wie er durch Cranmer und Anox diebfeit und jenseit des Tweed begründet worden war. Und man muß es dem neuen König hoch anrechnen, daß er nach Rraften bemuht mar, jeden engbergigen Confessionseifer niederzuhalten und ber Sumanitat, ber bas Beitalter guftrebte, Rechnung ju tragen. Bie er in England bem bochfirchlichen Episcopalismus entgegentrat, fo in Schottland bem erclufiven Bresbyterianerthum.

d. Die Schilderhebungen ber Royaliften und Ratholiten in Schottlanb und Stland.

In England felbst verharrten die Jacobiten in einer flummen Opposition Barfeimuth gegen die durch die Revolution geschaffene Ordnung, eine fünftige Reaction er- land. wartenb. In Schottland aber war der Drud ber Royaliften und Episcopalen während ber Stuartichen Gewaltherrschaft zu tief in die Ration eingebrungen. als daß fich nicht die Macht ber Leibenschaft hatte regen und zu Thaten der Rache hatte schreiten sollen. Drohungen und Gewaltthätigkeiten von Seiten der Covenantere gegen ihre bieberigen Dranger bewaffneten ben Arm ihrer Biberfacher jur Abwehr; jene entfalteten bie Fahne Bilbelms, diefe maren feurige Anbanger

Die letteren hatten einen energischen Führer in bem uns befannten John Graham von Claverhouse. Ein rauber Rriegsmann, ber einft unter Lurenne seine militarische Schule gemacht, hatte er fich von den Stuarts als Bertzeug ihrer Thrannei gebrauchen laffen, hatte fich ganz in den Dienst Jacobs II. gegeben, ber ihm Gunft und Bertrauen erwies, ihn jum Marquis bon Dunder erhob und auf alle Beise auszeichnete. Dafür zollte biefer bem Ronig Dant und Bingebung; in seinem Lebenswandel weniger frivol und genuffuchtig, in seiner Befinnung weniger niebertrachtig und fervil als bie englischen Gunftlinge ber Stuarts, hatte Dundee boch ber eifernen Gewaltherrichaft Jacobs II. feinen Arm gelieben, war in tnechtischer Lopalität felbft bor Unthaten und Graufamfeiten nicht jurudgebebt. Als die covenantischen Tendengen in der Ebinburger Convention den Sieg davon trugen, eilte der unternehmende Kriegsmann mit 50 Reitern nach den Sochlanden, um unter jenen Göbnen bes Gebirges ben Robglismus für Jacob au entaunden und ben bort beimischen fleinen Rrieg an organistren. Roch lebte die Erinnerung an Montrofe unter den Clans; Claverhouse, ber bemfelben Stamme ber Grahams angehörte, marf fich zu beffen Racher auf; als das alte Rriegszeichen unter bem wilben Rlang von Bfeifen und Chmbeln burch Berg und Thal getragen ward, ichaarten fich die Macleans, die Macdo: nalds, die Clanricards, die Camerons unter die Fahne des feurigen Ropalisten. Reben ber Anhanglichkeit an die altschottische Opnastie wirkten auch verfonlich Motibe mit: Die Guter Arable's und ber Campbell's, der Borfechter ber Cone nanters waren in andere Bande getommen; nun fürchteten die jesigen Befiser jur Berausgabe gezwungen ju werben. Auf die Rachricht bon ber friegerischen Bewegung in ben Sochlanden ichidte Bilhelm einen zuberläffigen Reldbauptmann, gleichfalls von ichottischer hertunft, bugh Mactan, mit etlichen taufend Dann Sust wohldisciplinirter Truppen nach Norden ab. Mactan war ein eben fo begeifterter Orangift und Presbyterioner als fein ehemaliger Rriegsgefährte Dunder Jacobit und Eviscovalist. Die Sochländer standen vor Schloß Blair in Athol. am füblichen Abhang ber Grampianhugel, als die Eruppen Mactans ben Bak von Rilliefranty, "die calebonischen Thermopylen", burchziehend fich bem Frinde gegenüber aufftellten. Bier entbrannte eine mertwurdige Schlacht, in welcher die

gegenüber aufstellten. Her entbrannte eine merkvürdige Schlacht, in welcher die wilde Raturkraft der Bergföhne über die methodische Ariegskunst der niederläubi.

27. Intischen Herbaufen den Sieg davontrug. Dieser Ausgang hätte für die ganze Bukunst Jacobs und Wilhelms die wichtigsten Volgen haben können, wäre nicht Oundee durch eine Stückfugel dahingerasst worden. Aein anderer Führer hatte die Fähigkeit und Autorität, um die eifersüchtigen und zwieträchtigen Stämmt zusammenzuhalten und zur Fortsehung des Rampfes zu bewegen. Die Sieger kehrten mit ihrer Beute in die Hochlande zurück; Mackap schloß den Rorden durch Fortisicationen ab und verhinderte die Einwohner, durch neue Ariegeber wegungen den Sang der Ereignisse zu hemmen.

Als aber Jacob fortfuhr, die Bergschotten gegen das neue Regiment aufzureizen, Die Rache felbft nachdem in Irland feine Sache verloren war, fo glaubte ber Staatsfecretar Glencoe. Dalrymple, der bie Autoritat Bilhelms in Schottland gur allgemeinen Anerkennung ju bringen bestrebt mar, ju einem Att blutiger Strenge fcreiten ju muffen, um die Opposition in den Hochlanden auf immer zu unterdruden. Er benutte die Feindschaft ber Campbells gegen die Macdonalds von Glencoe, um die letteren, deren Sauptling M'Ban Macdonald die Sympathien für den flüchtigen Stuart am offensten fund gab, ju bernichten. Bon Stammeshaß getrieben fielen die Manner bon Argyle über den benachbarten Clan ber, erichoffen M'San und trugen den Mordftabl in die ummohnen- 3an. 1692. den Familien, durch das herrschende Regiment, als deffen Racher fie auftraten, vor Strafe gefdust. Denn ber Macdonald hatte es verfaumt, durch rechtzeitige Unterwerfung die dargebotene Berzeihung anzurufen. "Die Gebirgsthaler bon Glencoe, deren dunkle Großheit der Reifende bewundert, pflangen bas Andenten an diefe Begebenheit von einem Gefdlecht auf bas andere fort."

Roch heftiger und drobender war ber Biberftand gegen die neue Thron- Epronnel und Staatsordnung in Irland. Bir wiffen, welche Mane Jacob II. hegte, als nach Irland. er ben Mann seines Bertrauens, Richard Talbot, Bergog von Tyrconnel gum Lordlieutenant ber Infel ernannte. Das tatholifche Irland follte ihm die Mittel jur Bezwingung Englands gemahren. Bu bem Bwed hatte Eprconnel ein betrachtliches Beer fur ben Dienft bes Ronigs geworben. Diefer Blan murbe nun bon Jacob in St. Germain mit Lebhaftigkeit aufgegriffen : Ehrconnel versagte dem Bringen von Oranien ben Gehorfam und behandelte beffen Anhanger als Bon ben englischen Anfiedlern floben die Ginen aus dem Lande, die Andern fetten fich in Bertheibigungsftand. In der gangen Insel herrschte Rrieg und Barteiwuth; aber die Ratholiten und Jacobiten hatten bie Oberhand. Diefe Buftande befchloß Ludwig XIV. ju Gunften Frantreichs und feines Schutlings zu benuten. Richt blos aus Grofmuth hatte er der Ronigin Maria Beatrix, die, wie fie ihm bon Boulogne aus melbete, "flüchtig und in Thranen gebadet bei dem größten und ebelmuthigften Monarchen ber Belt eine Buflucht fuchte" einen prachtvollen Empfang und glanzenden Aufenthalt gewährt und auch ibren Gemahl nach seiner Ankunft mit ber größten Aufmerksamkeit behandelt; er hatte dabei auch den 3med, in dem Inselreich den Burgertrieg au entaunden, damit Oranien und die Sollander von dem continentalen Rrieg fern gehalten wurden. Belche Befriedigung empfand man baber in Berfailles, als eine Botichaft von Eprconnel in St. Germain eintraf, welche ben Stuart einlub nach Brland au tommen, um mit Gulfe feiner Getreuen die Rrone gurudguerobern. Ludroig und feine Minifter Louvois und Seignelai begunftigten nicht nur ben Blan, fie gewährten auch die Mittel gur Ausführung. Man ftellte bem Stuart Geld, Schiffe und Rriegsbedarf gur Berfügung : man fuchte Offigiere und Mannschaften durch vortheilhafte Bedingungen zur Theilnahme zu bewegen.

Bei ber Abfahrt gab Ludwig dem Scheibenden den Rath, fich von feinem Die irifden Ratholiten religiöfen Gifer nicht allzusehr fortreißen zu laffen, damit nicht die protestantischen u. Jacob 11 Ropalisten seiner Sache entfremdet wurden. Sein Bestreben solle dahin gerichtet

sein, "alle guten Unterthanen unter seinem Scepter zu vereinigen". Aber das war nicht die Meinung Tyrconnels und der eingebornen Irlander. Sie wollten die kirchlichen und weltlichen Guter, die ihnen in Folge der Reformation und burch die Confiscationen Cromwells entriffen worden maren, gurudgewinnen, alle Englander und Protestanten verjagen, fich von der angelfachfischen Berrichaft befreien. Und darin leistete ihnen der frangofische Gesandte, Graf d'Avaux selbit 20. Mai Borschub. Als am 20. Mai 1689 fich bas irlandische Parlament in Dublin versammelte, bildeten die protestantischen Beers eine verschwindende Minoritat im Bergleich zu den Rativiften und Ratholiten; es war ein Gegenfat zu den Conventionen in Weftminfter und Sbinburg. Und diefer Busammenfegung entspraden denn auch die Beschluffe: fle erkannten Jacob II. als ihren rechtmäßigen Rönig an unter ber Bedingung, daß Irland in gerichtlicher und administrativer Beziehung von England emancipirt und die Guter aller Rebellen d. b. ber Anbanger Bilhelms III, fur verfallen erflart murben. Sie stellten eine Lifte von mehr als dritthalbtaufend Ramen auf, darunter die reichsten Gutsbefiger und viele englische Bischöfe, beren Bermögen und Grundeigenthum confisciet werden follte, ein unermeglicher Reichthum. Und Jacob willigte ein, weil die Irlander nur in biefem Fall zu feiner Fahne fteben wollten. Bas lag bem Stuart baran, wenn die englischen und schottischen Ansiedler, die ja doch alle Reger und

Rebellen maren, au Grunde gingen ! Religions= und Race=

So gestaltete sich die Lage ber Dinge in Irland zu einem Rampf auf Leben tampf in und Tod. Dem teltisch-frangofischen Ratholicismus gegenüber schloffen fich die germanisch-protestantischen Elemente, Anglicaner wie Presbyterianer, ju einer Affociation der Gelbstvertheidigung aufammen. Bie einft die Sugenotten Frantreichs auf Larochelle, fo ftutten fich die protestantischen Williamiten auf Londonberry. Rach Abaug bes tatholischen Theils ber Stadtbevölkerung betrug die Babl ber Bewohner etwa 20,000, barunter 7000 militarisch geubte und aut bewaffnete Rriegsleute. Reben ben Unführern Bater und Murray ragte befonders ein Landgeiftlicher, Balter burch Geschid und Gifer hervor. "Beute fah man ihn au Bferde, um einen Ausfall auszuführen, morgen wieder auf der Rangel, um Die religiöfen Antriebe rege zu erhalten." Diefe Entschloffenheit trug ihre Fruchte: umsonft suchten die Reinde die Mauern und Reftungswerte zu erobern ; fie bermochten ben Muth ber Bertheibiger nicht zu erschüttern; felbst die Graufamkeit, Brotestanten aus der Umgegend, Manner, Beiber und Rinder auf die Balle gu ftellen, um die Belagerten bom Schießen abzuhalten, half ben Royaliften nicht viel. Bulett fetten fie ihr Bertrauen auf ben Sunger, ba die Lebensmittel ausgingen;

30. Juli aber noch zu rechter Beit gelang es einigen englischen Fahrzeugen in den Lough Fohle einzudringen und Rettung zu ichaffen. Run brachen die Roniglichen ibre Belte ab und gaben die Belagerung auf. Roch schlimmer erging es ihnen vor Ennistillen, der Inselveste in Loch Erne, einer einft von Cromwell'ichen Soldaten gegrundeten und bevollerten Colonie. Durch einen Sturmausfall wurden fie

## III. England unter ben zwei letten Stuarts u. Bilhelm III. 563

auseinandergejagt, ihr Anführer gefangen. Und icon brang die Rachricht ins Lager ein, daß von Schottland und Irland Bulfetruppen im Angug seien. Da gab Graf d'Avaux bem Stuart ben milden Rath, alle Protestanten auf ber Insel, jo viele man ihrer habhaft werden tonne, ermorden zu laffen, damit fie nicht, während die irisch-frangofische Armee die Feinde am Landen zu verhindern suche, im Ruden eine Emporung veranftalteten.

Bu diesem graufamen Mittel brauchte indeffen Jacob nicht zu schreiten. Soffnungen Als er bei der Landung bes fleinen englischen Beers unter Schomberg bei Car. biten. ritfergus die große Standarte auf den Binnen Drogheda's entfaltete, ftromten 10. Sept. bewaffnete Irlander in folder Menge herbei, daß er bald ein heer von 30,000 Mann muftern und bem Feinde, ber in einer Starte von 6000 Ropfen ein Lager bei Dundald bezogen hatte, entgegenruden tonnte. Die angebotene Schlacht nahm jeboch Schomberg nicht an; wie hatte er burch einen fo ungleichen Rampf die Sache feines herrn auf's Spiel fegen follen! Aber feine Lage murde balb schlimm genug. Die Berbstwitterung erzeugte anstedende Rrantheiten; er fab fich genothigt, seine Truppen in benachbarte Orte zu verlegen; es tamen Unzeichen bon Insubordination und zweideutiger Gefinnung zu Tage. In Berfailles und in der Umgebung Jacobs II. lebte man des festen Glaubens, in Rurgem werde ein vollständiger Umschwung ber Dinge eintreten; man sprach bereits davon, daß der Oranier mit bem Plane einer Abdication umgebe; er wolle nach Amfterdam zurudtehren, wo die Ariftotratenhäupter die Abwefenheit bes Statthalters zur Berwirklichung ihrer Ibeen von republikanischer Selbstverwaltung ju benuten trachteten; feine Gemablin folle allein bie toniglichen Rechte üben. Die englischen Jacobiten regten fich mit neuer Thatigkeit; Dartmouth unterhielt verbachtige Berbindungen mit ben Seeleuten, Billiam Benn reifte im Canbe umber, um die Sympathien fur den Stuart lebendig zu erhalten, Prefton nahrte bie Unaufriedenheit unter den Tories, welche die anmagende Berrichaft der Bbigs mit Unmuth ertrugen; man reizte die Eifersucht und den Reid der Handels- und Raufmannswelt gegen die Hollander, welche die gunftigen Beitumftande zu eigenfüchtigen mercantilen 3weden auszubeuten suchten; ba feien doch die Frangosen großmuthigere Bunbesgenoffen!

Es gelang jedoch bem fraftigen und verftandigen Ronig Bilbelm, die fich lage und aufthurmenden Schwierigfeiten und Gefahren ju überwinden : Gin neues Bar- gen. lament, bas an die Stelle bes Conventionsparlaments trat, bewilligte ihm die Marg 1890. gur Durchführung der neuen Ordnung und gum irlandischen Rrieg erforderlichen Beldmittel. Gegen die Aufwiegler schritten die Gerichte ein, Ashton, der tatholifche Geheimschreiber der ehemaligen Königin Maria Beatrig, der die Faben des Complots geleitet hatte, murde hingerichtet. Die eidweigernden Bifcofe mußten ihre Sige verlaffen. Sancrofts Rachfolger war der gelehrte und gemäßigte John Bang anders fah es mahrend derfelben Beit in Dublin aus. Die altirifchen Sauptlinge, die mit ihren Fahnlein bem Stuart gur Bulfe gezogen

waren wie ihre Ahnen in alten Tagen dem Oberkonig von Tara, trieben fich in ihrer Landestracht unter Frangofen und englischen Jacobiten berum; Geld batte man wenig, fo daß man Aupfermungen den Berth von Shillings und Salfcrowns beilegen mußte, mit bem Berfprechen fie in beffern Beiten zu vollem Berth auszuwechseln; bas hinderte aber nicht, daß es luftiger und ausschweifender in ber irifchen Sauptstadt berging, als je zuvor. Das leichte keltische Blnt macht fein Recht geltend. Man bezeichnete icon die Orte, an benen man im nachften Frühight in England landen und den Usurpator nach Solland guruchiagen werde. Die Buversicht auf den bevorstehenden Triumph erreichte den Gipfel, als Graf Laugun, der feit feiner Sulfeleistung bei der Rucht der Ronigin in St. Germain ein gem gesehener Gaft war, mit frangofischen Sulfetruppen in Dublin antam und in ben irlandischen Beerhaufen die mangelhafte Disciplin verbefferte. Muf ihm und Tyrconnel rubte nun bas bochfte Bertrauen Jacobs. Eine frango. fische Flotte unter dem erfahrenen Admiral Tourville freugte in den westlichen Meeren; benn Seignelai, neben Louvois ber einflufreichfte Minifter gedachte bie politische Lage jum Bortheil der frangofischen Marine zu benuten : bas Uebergewicht hollands und Englands jur See follte mit Einem Schlag vernichtet werben. Und wahrlich schlimm genug ließ fich im Anfang ber Rampf fur bas neue englische Röniathum an. Die Jacobiten regten fich in fo berausforbernber Beife, bag man in London mehrere ihrer Saupter, barunter felbst Lord Clarendon, ben Dheim der Königin in Gewahrsam brachte; und als Tourville die englisch-hol-

28. Juni ländische Flotte auf der Hohe von Beachy Head, zwischen Haftings und Brighton angriff, erlangte er große Bortheile über die Feinde. Admiral Herbert, der für seine Berdienste um die Thronbesteigung Wilhelms zum Lord Torrington ershoben worden, hatte sich aus Berdruß, daß das Regiment nicht ausschließlich in die Hände der Whigs, seiner Parteigenossen gelegt worden, so eigenstnnig und zweideutig benommen, daß man in Whitehall an Berrath glaubte und ihn in den Tower bringen ließ.

Der Gieg an ber Bobne.

Aber wie schnell nahmen die Dinge eine andere Gestalt! In denselben Tagen, noch ehe die Rachricht von dem Ausgang des Seetressens nach Irland dringen und in dem einen Heerlager eine ermuthigende in dem andern eine niederschlagende Wirfung hervorbringen konnte, war Wilhelm III. auf dem Marsch gegen Dublin begriffen. Er war Mitte Juni mit frischen Truppen in Carritsergus gelandet, hatte sich in Armagh mit Schombergs Heerhausen vereinigt und war dann rasch süd, wärts gezogen, um dem Heere, das unter Jacob und den beiden Feldherrn Lauzun und Threonnel in Dundalt lag, eine Schlacht anzubieten. Wilhelms Armee belief sich auf etwa 36,000 Mann aller Bassengattungen. Wie vor anderthald Jahren bei der englischen Invasion war auch jeht wieder Ariegsvolk verschiedemer Rationen und Sprachen unter seiner Fahne vereinigt: Engländer und Schotten. Holländer und Deutsche, französsische Hugenotten voll Begierde, an ihren katholischen Landsleuten im andern Heerlager Rache zu nehmen. Auch Dänen bestischen Landsleuten im andern Heerlager Rache zu nehmen.

fanden fich im heer, ein Rame, der ben Irlandern Erinnerungen und Sagen aus alter Borgeit in die Phantafie gurudrief. Christian V. hatte fich von Frantreich abgewandt und war ber Coalition bet continentalen Machte beigetreten. Die irifch-frangofifche Rriegsmacht mochte bon gleicher Starte fein : bennoch bielten die Führer nicht für rathfam, den Angeiff des Reindes abzumarten : Sacob orbnete ben Rudzug gen Drogheba an, um jenfeit bes Ruftenfluffes Bobne. ber burch bas Buftromen verschiedener Bergwaffer bei feiner Munbung eine anfebnliche Breite und Liefe erhalt, eine gebedte Stellung zu nehmen. Raum hatten die Jacobiten auf den Soben des rechten Ufers eine Lagerftatte bezogen, fo ericien bas Oranifche Deer auf ber linken Seite. An Diesem benkmurbigen Orte. wo die erften Reime der chriftlichen Cultur in den irischen Boben gepflangt wurden. follte fich bie Butunft bes britischen Reiches entscheiben. Es war ein beißer Rampf, nicht unwürdig bes hohen Preifes, ber ben Sieger erwartete. Bilbelm 30. Juli lies fich burch die leichte Bunde, die er beim Befichtigen ber Dertlichkeit empfing, nicht abhalten, felbft ben Oberbefehl zu übernehmen; unter ihm dienten die beiben Schomberg, Bater und Sohn. Babrend ber lettete, Graf Deinhard, mit Dragonern und Ausbolf ftromauswärts unweit Slane ben Uebergang erzwang. führte der Marschall selbst bei Oldbridge den Kern des gemischten Heeres über den Fluß nach der andern Seite, ein Unternehmen von der größten Rühnheit und Tapferteit. Sie wurden bon der feindlichen Macht am Auffteigen gehindert und mancher brave Rriegsmann mußte fein Leben laffen. Mit jugendlichem Muthe fürmte ber alte Beld Schomberg voran, ben Sugenotten gurufend, baf fie im andern Lager ihre Berfolger finden wurden; ba machten bie Gabelhiebe einiger Jacobiten seinem Leben ein Ende. Sie glaubten ben König selbst getöbtet zu haben; aber bald faben fie Bilbelm III., boch au Ros bas gezogene Schwert ichmingend an der Spige der tapfern Manner von Ennishllen über ben Strom fegen und ben Rampf erneuern. Und nun hielten die Feinde nicht langer Stand; die irischen Dragoner begannen die Flucht, ihre eigenen Baffenbruder zu Fuß überreitend. Laugun und Eprconnel, die ben jungen Schomberg vom Bordringen abzuhalten gefucht, ftanden vom weiteren Rampfe ab und ordneten den Rudzug nach Dublin an, wohin Jacob mit einigen Reiterfdmabronen vorausgeeilt mar. Die Beute, die den Siegern in die Bande fiel, war ansehnlich.

Bahrend die erschöpften Truppen auf dem eroberten Schlachtfelde ausruhten, Ausgang der gewannen die beiden feindlichen Heerführer Beit, den Rückzug im militärischer urrection. Ordnung fortzusehen. Doch gaben sie die Hamptstadt auf; Jacob war bereits über Batersord nach Kinsale gestücktet, von wo ihn ein französisches Fahrzeug nach Frankreich trug. Lauzun und Tyrconnel brachten ihre Manuschaften und Kriegsvorräthe nach Limerick in Sicherheit; die katholischen Beamten und Richter, welche Jacob eingeseht hatte, verließen in Gile die Hauptstadt, worauf die proteskantischen Einwohner, die sich disher still gehalten oder unter Aussicht gestellt waren, unter Führung des Capitans Robert Fisgerald, Sohnes des Grafen

Ausgang ber

von Rilbare Schloß und Stadt besetzten und den König einluden. In der Kirche von St. Batrid, wo am nachften Sonntag Bilbelm bem Gottesbienft anwohnte, wurde Marichall Schomberg beigefett. Bald barauf bemächtigten fich die Rubert ber englischen und ber banischen Truppen, Lord Churchill und Bring Ferdinand Bilhelm von Burtemberg, ber wichtigen Seeftadte Cort und Rinfale. Limerid und Galway blieben noch einige Zeit in den Sanden der Reinde, bis Ludwig feine Bulfetruppen und die gablreichen Gingebornen, die fich ihnen anschloffen, nach Frankreich abberief. Doch hielt General Sarefield die Jacobitische Fabne in den weftlichen Landschaften noch einige Beit aufrecht, bon ben Irlandern als Rationalbeld gefeiert, bon bem Stuart jum Grafen bon Lucan ernannt, von Frankreich ab und zu mit Rriegsbedarf verseben. So endete Die Expedition Jacobs II. in Irland. Die englischen Ansiedler ber grunen Insel batten alle Urfache ben Jahrestag ber Schlacht an ber Bonne als ein Dant- und Siegesfeft au feiern. Ermagt man, bag b'Avaug eine Urt irifcher Bartholomausnacht angerathen, daß Laugun bem Konig ben Borichlag gemacht, Dublin und bie Umgegend in eine Buftenei zu verwandeln, wie Louvois die Pfalg; fo lagt fich leicht benten, meldes Schidfal ber protestantischen Bevölferung bevorstand, wenn ber Sieg ben rachfüchtigen Jacobiten, ben leibenschaftlichen Irlandern, ben fanatischen Frangofen augefallen mare. Die englische Colonisation, die Arbeit vieler Sabrbunderte mare mit der Burgel vernichtet worden; fein protestantisches Saupt mare verschont geblieben. Es lag in ber graufamen Rriegspolitik jener Lage, bag nun auch ben besiegten Irlandern tein leichtes Joch aufgelegt ward. Die Magregeln Cromwells tamen von Reuem in Anwendung; die Insel wurde als erobertes Land behandelt und der Berrichaft der englischen Regierung und Sierarchie von Reuem unterworfen. Aber wie viele Gingeborne manberten über bas Meer, um in ben tatholischen Staaten bes europäischen Restlandes, insbesondere in Frankreich, ober jenseit bes Oceans eine neue Beimath zu suchen!

#### 10. Die Regierung Wilhelms III.

Die erfte Re

Auch nachdem die Anerkennung Bilhelms III. in allen drei Ronigreichen gierungszeit Bilbeime durchgeführt war, hatte er noch viele Schwierigkeiten zu überwinden. Die Bhigs. bie bei der Regierung und im Parlament die entscheidende Stimme hatten. suchten ihren Ginfluß im Parteiintereffe auszubeuten. Richt nur daß fie alle Aemter an fich zu reißen und ihre Grundfage ausschlieflich zur Geltung ju bringen bemüht waren, fie widerstrebten auch ben Absichten Bilbelms, durch eine Indennitätsbill die politischen Spaltungen auszugleichen, burch Dilberung ber firchlichen Zwangs- und Strafgefete alle atatholischen Elemente in Die Dienfte bes Staats zu ziehen, und burch Aufstellung eines festen Staatsbausbalts ein ficheres von alljähriger Bewilligung unabhangiges Gintommen für fich ju gewinnen. Es verdroß sie, daß noch so manche Manner, die mit Jacob II. gegangen, auch unter bem neuen Regimente thatig fein follten; fie batten lieber ftatt ber Indennitat eine Bill ber Rache und Bergeltung burchgefest und alle Tories aus ben Staats- und Gemeindeamtern verdrangt. Sie glaubten in Bilbelm zu viel Eigenwillen, zu große Reigung für perfonliche Regierung, auch zu ftarte Sympathien für Holland zu entdeden und maren baber beftrebt, die parlamentarischen Rechte so viel als möglich ju mehren und ju fichern, ber ausübenden Gewalt einen furzen Zaum anzulegen. Es wurde erwähnt, wie schwierig die Lage des Königs im Binter von neunundachtzig auf neunzig fich gestaltete. Erst als er bas vorwiegend aus Bhigiftischen Ultras bestehende Conventions-Barlament aufgelöft und durch neue Bablen ein fügfameres Unterhaus zu Stande gebracht Mary 1890. hatte, in welchem eine beträchtliche Bahl gemäßigter Tories Sit und Stimme hatte, gelang es ibm, Befchluffe burchzuführen, welche die konigliche Brarogative mit bem parlamentarischen Regiment in bas richtige Berhaltniß festen. Gnadenaft murbe angenommen, welcher ber Parteireaction ber Bhigs ein Enbe machte: nur wenige, meiftens flüchtige Glieder ber tatholischen Camarilla, wie Betre, Sunderland, Bowis, Caftelmain, Dober, Melford, follten bon der Amnestie ausgeschlossen sein und aller Aemter und Shrenrechte verluftig geben. Much wurde der Staatshaushalt auf Brund fruberer Einrichtungen zwedmäßig geordnet und zwischen dem erblichen Befigthum ber Rrone und den Ginfunften fur die Staatsbedürfniffe eine Scheidung getroffen. Alles Gigenthum und Ginfommen, in beffen Genuß ber vorige Ronig gemesen, follte auch bem Rachfolger gehören; bie Bolle und Accifen murben bem Ronigepaar Bilbelm und Maria jur Balfte auf Lebenszeit jugewiesen, Die andere Balfte von einer Parlaments. bewilligung bon vier ju vier Jahren abhangig gemacht. Bugleich murben bie bon der Convention und dem Conventionsparlament getroffenen gefetlichen Unordnungen gutgeheißen und beftätigt. Damit mar ber Att der Revolution bon 1688 gefchloffen; die Bwischenregierung ging ju Ende, ein rechtmäßiges monardifch parlamentarifches Regiment trat an die Stelle.

Run mandte Bilhelm fein Bertrauen wieder mehr den gemäßigten Tories Befestigung und Unerfenbon alter Erfahrung gu, ben Lords Danby, Salifag, Nottingham; die Bhige nung be von der außersten Richtung, wie Mordaunt und be la Mere wurden aus dem ihume. Ministerium entfernt. Berne batte ber Ronig ben Carl of Shrewsbury, ber einer tatholischen Familie entstammt zu ben freieften religiofen Ansichten übergetreten war und fich ber besonderen Gunft Bilhelms erfreute, bei seinem Amte eines erften Staatssecretars erhalten; biefer wollte jedoch feine Sache nicht bon ben Barteigenoffen trennen. Mit tiefer Gemuthsbewegung gab er bem Ronig das Siegel zurud. Als Bilhelm bei feiner Abfahrt nach Irland die Regierung Juni 1000. in die Sande feiner Gemablin legte, ftellte er ihr einen aus Tories und Bbigs gemischten Rath gur Seite. Bu ber Consolidirung bes neuen Regiments in bem Inselreiche trug ber festländische Rrieg nicht wenig bei. Denn ba die verbundeten Mächte den Anschluß Englands bringend munichten, fo trugen die beiben Sabs-

burger Großmächte, ber Raifer und Spanien tein Bebenten, Bilbelm III. als Rönig anzuerkennen. Die politischen Intereffen erlangten bas Uebergewicht über bie religiösen. Mit Sulfe bes neuen Großpensionarius ber Generalftaaten, des bem Dranier innig befreundeten Anton Beinfins murbe auch der Ginfluß bes Statthalters in ben Rieberlanden verftartt und ficher geftellt. Durch bas Busammenwirten ber englischen und hollandischen Marine marb ber frangofischen Seemacht ein Gegengewicht geschaffen, das fie nicht zu überwinden vermochte. Das neue Barlament, bas Wilhelm nach feinem Siege an ber Bonne ber-

2. Dit. 1690. fammelte, gemährte ibm mit freigebiger Sand die Mittel, Die zur Durchführung ber friegerischen Unternehmungen wider Frankreich nothig waren. Da ber Antrag, die Confiscationen in Irland bazu zu verwenden, nicht burchbrang, fo mußten die Summen durch die Landtage und durch Erhöhung ber indireften Steuern aufgebracht werben. Dabei behielt fich jedoch bas Parlament bas Recht por, die Boranichlage ber Regierung für die Rriegstoften ju prufen und noch Befinden au ermäßigen und Controle über die Ausgaben au führen, ein Recht, bas fortan bas Unterhaus fich nicht mehr entreißen ließ. Bilbelm felbft begab fich nach Bolland, um die Fortschritte ber frangofischen Beere zu verhindern; feine Relbherren Maday und ber Pring von Burtemberg gogen wider die irifchen Insurgenten am Shannon. Bei einem Angriff ber Bilbelmiten auf Galman

30. Juli wurde ber frangöfische General St. Ruth burch eine Studtugel getobtet und Die Stadt erobert. Bald nachher ergab fich auch Limerick vertrageweise. Sarefield nahm jedoch die angebotene Amnestie nicht an; er sette mit 12.000 Irlandern nach Frankreich über, wo fie in ben toniglichen Militardienft traten. Damit war die Unterwerfung ber Infel vollendet; die übrigen Arbeiten fielen ben Straf. gerichten zu.

Innere Biberfacher

Aber zum friedlichen Genuß seiner Berrichaft tam Bilbelm auch jett noch und duffere nicht. Gine revolutionare Umwandlung einer bestehenden Staatsordnung regt bie Beifter machtig auf und laßt fie nicht leicht zur Rube tommen. Die Partei ber Jacobiten war gablreich und machtig; burch ben Anschluß aller malcontenten Elemente wuche ihre Bebeutung, ber Rrieg führte manche Bechfelfalle berbei. wodurch die Hoffnungen auf eine zweite Restauration lebendig erhalten wurden. Baren benn nicht die frangofischen Geere, trot ber großen Bahl ber Feinde faft allenthalben im Bortbeil? Gelbft in ber Rabe bes Sofes, felbft in ben erften Staats- und Rriegeamtern maren offene ober beimliche Anhanger Jacobs, Die eine neue Umwälzung mit Freuden begrüßt hatten. Bu den Unzufriedenen geborten fogar die beiden Manner, benen Bilhelm bas Belingen feiner Unternehmung in erfter Linie zu banten batte - Bord Churchill und Abmiral Ruffel; beide meinten, ihre Berdienste seien nicht in vollem Mage gewürdigt worden, fie feien gurudgesett; mit ben Churchills war die Pringeffin Anna aufs Innigin verbunden; fie ichrieb an ihren Bater gartliche Briefe voll Reue über ihre frubere Saltung. Bar es unter folchen Umftanden zu verwundern, wenn man in Ber-

failles und St. Germain frifche Hoffnung icopfte; eine neue Landung Jacobs ins Auge faste? Bilbelm war meistens mit dem Rriege in den Riederlanden beicaftigt; mittlerweile konnten in feinem Ruden conspiratorifche Umtriebe in England ungeftort fortgeben. Birklich erhielt Tourville ben Befehl, mit ber mai 1602. franzöfischen Flotte einen Landungsversuch in England zu machen. Jacob II. selbst begab sich nach La Hogue, der außersten Spige der normanischen Halbinsel Cotantin unweit Cherbourg, wo die frangofischen Schiffe gur Ueberfahrt bereit lagen. Bie einft Bhilipp II. mit ber großen Armada, fo gedachte jest Rudwig XIV. einen entscheibenden Schlag wider die beiden protestantischen Seestaaten zu führen; benn gleichzeitig mit ber Marine war auch bas Landheer in Bewegung, um Ramur, die feste Stadt an der Maas zu bezwingen. Der Ronig selbst hatte fich dahin begeben. Aber auch diesmal scheiterte ber Blan, das Infelreich unter tatholische Berrichaft zu bringen. In der großen Seeschlacht von 19/20. Dai La Sogue trug die vereinigte englisch-hollandische Flotte unter Ruffel ben Sieg über bie frangofifche Seemacht unter Lourville babon, eine Entscheidung, Die Jacobs Soffnungen auf eine zweite Restauration ber Stuarts für immer bernichtete. Schon berieth man auf bem englischen Abmiralichiff, wie und wo eine Landung an ber Rufte Frantreichs am zwedmäßigften beranftaltet werben möchte : zwei ausgewanderte Bugenotten, der jungere Schomberg und Rubignb. jener jum Bergog von Leinster, Diefer jum Grafen bon Galmay erhoben, murben bon Ruffel zur Berathung beigezogen; allein die Rachricht, daß Ramur gefallen und so. Juit. der Angriff Bilbelms auf das frangofische Lager bei Stenkerte abgeschlagen wor- a aug. den, vereitelte bas Borhaben. Die Flotte mußte gurudfegeln, um die hollanbifche Rufte ju beden. Im folgenden Sommer rachte fich Courville fur den Schlag bei La Hogue burch einen fiegreichen Angriff auf eine große englische Rauffarteiflatte in ber Bai von Lagos in Algarvien. Fünfundvierzig englische gutt 1693. Fahrzeuge murden verbrannt, fiebenzehn genommen.

Ruffel, ben man beschuldigte, daß er aus Abneigung gegen die Tories im gebeimen Rath, insbesondere gegen Rottingham feinen Obliegenheiten unbolltommen und mit innerem Biderftreben nachtomme, mar genothigt worden feine Abmiralswurde aufzugeben. Un feine Stelle maren zwei Tories ernannt worden, beren Ungefchid und Unvorfichtigkeit der Unfall bei Lagos zugefdrieben mard. Daber fab fich Bilbelm veranlaßt, um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ju befriedigen, fich wieder mehr den Bhigs ju nabern. Rottingham murbe entlaffen, Ruffel auf feinen Boften gurudverfest.

Der fortbauernde Rrieg mit seinen Bechselfällen zu Land und zur See hielt Ausbau bes ben Parteigeift rege und erschwerte bem Konig die Regierung. Der ftarte Auf- rifden wand für Heer und Marine forderte große Opfer und leistete den Jacobiten Bor- Bant von ichub. Man fragte, ob das Intereffe Englands bie attibe Betheiligung an den Conbon. Borgangen bes Continents erfordere. Es fanden viele erregte Barlamentefitungen ftatt. Bilhelm verftand es, die englische Ration bei ber Coalition au erhalten und bas Unterhaus zu Bewilligungen zu bringen; dafür mußte er aber

auch ber gesetgebenden Gewalt manche Bugestandniffe machen, welche die Grenge linien und Befugniffe bes monarchisch-parlamentarischen Berfaffungsbaues flarer bestimmten und festjetten. So wurde bas Steuer- und Kinangwesen genauer geregelt, die Unabsetbarteit der Richter durchgeführt, jahrliche Ginberufung bes Barlamente und dreijahrige Dauer des Saufes ber Gemeinen, Ausschließung oder Neuwahl der zu öffentlichen Memtern erhobenen Mitglieder in Antrag gebracht und nach einigem Bedenten zugeftanden. Die wichtigfte Ginrichtung jedoch mar die Gründung der Bant von England. Da man die Bedürfniffe der Staats. und Rriegeverwaltung nicht burch die laufenden Ginnahmen zu beden im Stande war, so fab fich die Regierung genothigt, ju Anleihen ju schreiten, für deren regelmäßige Berginfung und Rudgahlung Garantien gefchaffen werben mußten. Bie bei der Georgbant in Genua, die man in erster Linie zum Borbilde nahm, nur in weit geringerem Umfang wurden die von Raufleuten und Ravitalisten gemachten Borichuffe auf die Staatseinfunfte gegrundet, die von der Londoner Bant als Empfangsbescheinigungen für eingelegte Summen ausgegebenen Roten bon der englischen Staatsgemeinschaft als gultige Berthzeichen anerkannt. 3m April 1693 vollzog fich die für das Birthschaftsleben des englischen Staates fo bentwürdige Schöpfung, unter Beihulfe frangofifcher Refugie's, die ihre mitgebrachten Rapitalien gerne einem Staate jur Berfugung ftellten, mit bem ihre Eriftenz und Butunft aus Inniafte verbunden mar. Rachdem die Bill, bei melcher außer bem Schotten 2B. Paterfon besonders Charles Montague, querft Schüler, bann Freund und Gonner Remtons fein großes Talent beurtundete, im 18. Apr. Unterhause angenommen war, wurde auch der Biderstand der Lords überwunden, die nicht unbegrundete Bedenten geltend machten, gegen die Brivilegirung eines Creditunternehmens, "welches bas fluffige Rapital auffpeichern und ben Sppothekengins in die Bohe treiben wurde". Um 23. April erlangte das Gefet auch im Oberhaus die Mehrheit der Stimmen. So trat mitten im Rrieg und wesentlich unter dem Drange besselben ein nationales Inftitut ins Leben, bas mit ber Beit bie großartigste Bertstätte bes Geldvertehre werden follte und mehr als alles Andere jur Consolidirung ber Regierung Bilbelme III., jur innigften Bereinigung ber öffentlichen Gewalten in bem conftitutionellen Staatsorganismus beigetragen hat. Benn die Londoner Bant, die brei Jahre fpater ihre abschlie-Bende Organisation erhielt, einerseits ber Regierung als "Geschäftsführer fur Auflagen und Anleihen" biente, fo mar fie andererseits die Bundeslade bes nationalen Credits, das Borrathshaus und die Betriebsanftalt des Metallvermo. gens bes Gefammtftaats: mabrend Frankreich einem wirthschaftlichen Ruin entgegensteuerte, murbe in England die Solidaritat ber materiellen Intereffen bes constitutionellen Staats auf fester Grundlage aufgerichtet.

Die Folgen dieses Zusammenwirkens der Regierung und der Ration traten Maria, bald zu Tage. Wilhelm konnte mit einer so beträchtlichen Heeresmacht in den Riederlanden auftreten, daß die Franzosen nicht weiter vorrückten, sondern sich

auf Bertheidigung ihrer Grengen beschräntten. Rur dem fraftigen Auftreten bes englischen Ronige zu Land und zur See war es zu banten, bag die frangofischen Baffen weder in den fpanischen Riederlanden noch an den Phrenaen und am Rhein in diesem Jahre große Erfolge im Belbe erzielten. Rach feiner Rudfehr murbe er freudig begrüßt und Alles ließ fich wohl an. Das Parlament war entgegenkommend, bas Cabinet erhielt neue Rrafte, indem Shrewsburg, ber dem Ronig befonders genehm war, wieder die Stelle eines Staatssecretars annahm und Montague ber Gründer ber Bant, jum Rangler ber Schapfammer erhoben ward. Lord Sunderland war als Bekehrter zurudgekommen und unterftutte ben Ronig mit feinem Rathe. Da murbe Bilhelm gang unerwartet bon einem fchweren Schlag betroffen: feine Gemablin, zu der er ftete große Liebe und Achtung gebegt, ftarb gegen Ende des Jahres an den Blattern, eine edle echt weibliche Seele, die ihrem Cheherrn 28. Detbr. ftets mit gangem Bergen ergeben gemefen, fo verfchieden auch in ihrer Erscheinung und in ihrem Charafter die beiden Gatten waren: fie eine fraftige ftattliche Frau voll Leben und Bewegung, gesprächig und beweglich, er ein hagerer, wortkarger, ernfter Mann, mit feinen Gedanten gurudhaltend und wenig juganglich. Bilhelm wurde von dem Berlufte tief ergriffen. Die Regierung erlitt jedoch badurch keine Beranderung. Bielmehr nahm die Opposition ab, indem seine Schwägerin Anna, welche mit ihrer Schwefter nicht gut geftanden und fich meiftens bom Hofe fern gehalten hatte, fich mit ihm aussohnte und seine Politit unterftutte. Um den Ronig in Stand ju fegen, den Rrieg mit aller Energie ju betreiben, schritt das Parlament zu großen Bewilligungen mittelft neuer Auflagen. Dank diefen Anftrengungen tonnte Bilbelm die Frangofen unter Billeroi und Boufflers, die an die Stelle des turz zuvor gestorbenen Marschalls von Luzemburg getreten waren, in ihren Grenglinien festhalten und ihnen die Reftung Namur wieder entreißen.

Sept. 1695.

Unter dem Eindrud der gehobenen Stimmung über biefe friegerifchen Erfolge Beiebe. trat im Berbft bas neugemählte Barlament jufammen. Bon Biberftand gegen Die Regierung mar taum eine Spur zu bemerten. Frubere Oppositionsmanner beiber Barteien wurden übergangen, im Schmerz über die Burudfegung hat der Entel John hampbens band an fich felbft gelegt. Bur die Unterhaltung ber Landarmee in ihrer bisherigen Starte, etwa 80,000 Mann, waren fünf Millionen Bfund erforderlich. Sie wurden bewilligt. Aber es erhob fich eine große Schwierigfeit, die Summe gufammenzubringen, ba ber größte Theil des in Umlauf befindlichen Silbergeldes durch Beschneiden und Abfeilen bedeutend geringer geworden war, als der Rominalwerth lautete. Rach langen Erwägungen murbe in beiben Saufern der Befchluß gefaßt, daß bie beschnittenen Mungen umgepragt und der fehr erhebliche Berluft bon dem Staate getragen werden follte; ein Befdluß, der jur Folge hatte, daß die Mungpragung, welche bisher ausschließlich als Prarogativ der Rrone gegolten, in Butunft der parlamentarifden Mitwirtung unterftellt mard. Mittefft einer genfterfteuer murde die bewilligte Summe aufgebracht. Auch noch auf einem andern Gebiete mußte der Ronig eine bisher geubte Gerechtfame mit dem Parlamente theilen. Er hatte feinen Freund und Bertrauten Billiam Bentind jum Grafen von Portland erhoben und ibm ansehn-

Uche Aronguter in Bales jum Gefchent gemacht. Da bies eine Berminberung ber Aroneinfunfte jur Folge hatte, fo murbe bon der Gentry der Graffchaft barüber Befdmerde geführt und der Ronig bewogen, dem Saufe die Befugniß einzuraumen, bei bergleichen Bergabungen mitzuwirfen. Allenthalben wich die Regierung vor ben Anfprüchen des Parlaments ohne Biberftand jurud, um fic den guten Billen beffelben für die Rriegsbedürfniffe ju erhalten. Als die Prefatte ablief, murbe die Cenfur nicht wieder erneuert; gegen Disbrauch ber Drudfreiheit fcienen gefestiche Praventiomasregeln hinlanglich Schut zu gewähren; bem Oberhaus wurde das Recht eingeraumt, bei Sochberrathetlagen gegen Lords ben Rechtsgang felbftandig ju leiten und nur nach den Ausfagen bon mindeftens zwei Beugen ein Urtheil zu fallen; bei ber Aufftellung eines Sanbelsraths fur die Angelegenheiten ber überfeeifden Befigungen follte bie enticheibende Stimme bei dem Unterhause fteben. Bie tamen jest unter bem Schirme einer geordneten Freiheit, unter der herrichaft einer gefehlichen Berfaffung Marine, Sandel, Coloniewefen, Gewerbthatigfeit und Boblftand ju rafchem Auffdwung! Und auch in ben großen politifchen Angelegenheiten galt Bilbelm III., bas haupt des protestantifchparlamentarifden Staats gegenüber der abfolutiftifd-tatholifden Gewaltherricaft des frangofifden Monarden, als Schiederichter und Rriegsfürft.

Jacobitifche Bei dieser Machtstellung bes "Usurpators" und bes protestantisch-whig-Veridows rung und giftischen Regiments in England war es natürlich, daß die Factionen der Gegentionsplane partei noch einmal alle Rrafte-anstrengten, eine Reaction in dem Infelreich ju bewirten. Bie viele Anhanger bes Legitimitatspringips, wie viele tatholifche und hochfirchliche Lords, wie viele Sacobiten unter bem Episcopaliterus wünschten ben Tag ju ichauen, ba ber verbannte Stuart wieder von dem Throne feiner Bater Befit ergreifen murbe! Der hochtorpftifche Candabel, ber mit Ingrimm feine volitischen Biberfacher am Ruber bes Staats erblidte, tonnte auf feinen Landfigen leicht eine beträchtliche Bahl bewaffneter Rriegstnechte fammeln, die in einem Augenblid, ba Bilbelm mit ber ganzen Geeresmacht in ben Rieberlanden ftand, fich wichtiger Orte bemächtigen und bem "rechtmäßigen Ronig" in Die Sanbe liefern murben. Rur mußte Jacob felbst in fein Land gurudtebren, in ber Mitte seines Boltes erscheinen, burch eine beruhigende Proclamation die Reihen ber Royaliften berftarten! Bereits waren geschäftige Parteiganger, bor Allen Lord Middleton, ein Schotte, an dem kleinen Hofe von St. Germain erschienen, um eine neue Landung ins Wert zu seten. Jacob willigte ein; ein Manifest von weitgebenden Bufagen wurde ausgearbeitet, bas ibm bie Bergen seines getreuen Boltes gewinnen sollte; Ludwig XIV. mar bereit, bas Unter-Bebr. 1896. nehmen mit Schiffen, Geld und Rriegsbedarf ju forbern. Im Februar begab sich ber Stuart nach Calais, wo französische Fahrzeuge bereit lagen, während sein natürlicher Sohn ber Bergog von Berwick, ein junger Mann bon Unternehmungsgeist und militarischem Talent sich beimlich einschiffte, um die legitimis-

nehmungsgeist und militärischem Talent sich heimlich einschiffte, um die legitimistischen Freunde in der Heimat aufzubieten. Auch manche Emigranten fanden sich in Calais ein, um bei der erwarteten Restauration die Früchte ihrer Loyalität zu ernten. Aber die englischen Parteigenossen wollten nicht zu den Waffen greifen, bevor Jacob gelandet wäre und sein Manifest verbreitet hätte. Um nun die Ent-

### III. England unter den zwei letten Stuarts u. Bilhelm III. 573

fceibung rafch herbeizuführen, bilbete ein Renegat von Orford, Robert Charnod mit einem fcottischen Selmann Barclay und einigen alten Militarberfonen aus. der ehemaligen Leibgarde ein Complot, um den Oranier, der noch nicht zur Armee abgegangen mar, bei Gelegenbeit einer Jagb auf bem Bege nach Richmond ju überfallen und in Sicherheit ju bringen. Daß es auf eine Ermorbung abgefeben fei, murbe nicht ausgesprochen, aber feiner ber Theilnehmer verhebite es fich, daß dies ber Ausgang fein wurde. Auch nach Calais gelangte die Runde bon bem blutigen Borhaben; Berwid hatte fich eingeschifft, um bem Bater Mittheilung au machen. Man zweifelte nicht, daß nach gelungener That eine allgemeine Infurrection ausbrechen wurde; bann war ber rechte Moment gur Landung getommen. Aber bas Attentat wurde am Tage bor ber Ausführung 19. Bebr. durch einen Irlander, ben man ins Geheimniß gezogen, an Bentind-Portland berrathen. Die Jagd unterblieb; die Hauptfchulbigen, beren Namen man erfahren hatte, wurden ergriffen und brei von ihnen, barunter Charnod hingerichtet. Bon einer Landung tonnte nun teine Rede fein. Jacob, ber barum fo lange gezögert hatte, weil er es nicht über fich gewinnen konnte, in seinem Manifeste die Gultigfeit bes Tefteibes aufzunehmen, fehrte nach St. Germain gurud. Die Briefter, beren Meinung ibm über Alles ging, batten ibn von jenem Bugeftandniß abgehalten; die Berftellung des Thrones hatte für fie nur dann Berth, wenn damit auch zugleich die Retatholifirung Englands verbunden war. Bald barauf folog fich ber Stuart, um feinem religiofen Gifer Genuge zu thun, ber Congregation von La Trappe an.

Für Bilhelm hatte das Attentat die Wirtung, daß der Bund zwischen Bilhelm III. Kromet Rrone und Parlament sich noch mehr befestigte. Lords und Commons empfan- ale Konig anertannt. den mehr als je, daß fie und der Ronig durch die Gemeinschaft der Intereffen an einander gewiesen feien und bag ihre Bege gufammen geben mußten. bildete sich eine neue Affociation zur Erhaltung der durch das Settlement ausgesprochenen Thronfolgeordnung. Den katholischen Stuarts und ihren Anhängern follte jede Soffnung einer Restauration abgeschnitten werben. Da bie und ba Bedenken aufgetaucht maren, ob nach dem Tode der Ronigin Maria, die boch die eigentliche Thronerbin gewefen, die im 3. 1688 getroffene Anordnung noch ferner gultig fei, so wurde von dem Bhiggistischen Parlament ausbrucklich ber Befdluß gefaßt, Bilhelm fei ber rechtmäßige Ronig von England; burch bas Gefet fei ihm ein ausschließendes Recht auf die Krone verliehen worden. Die Bhiggiftischen Grundfage bebielten die Oberhand; wer der Affociation für Ronig Bilbelm nicht beitreten wollte, follte zu teinem öffentlichen Amte zugelaffen, ja als Feind ber nationalen Freiheit angesehen werden. 3m Januar bes nachften Jahres wurde Sir John Fenwid, weil er mit bem Sof von St. Germain Berbindungen unterhalten und die Saupter ber Bhige bei Ronig Bilhelm ju berbachtigen gesucht hatte, burch eine Bill of Attainder als Hochverrather verurtheilt und hingerichtet. Diefes Busammenwirken ber Nation und ber Regierung machte 22. 3an.

es dem Dranier möglich, den Rrieg gegen Frankreich ohne Ermattung fortzuführen und im Frieden von Rhewick die Anerkennung feiner Konigetrone gu erzwingen. Es toftete viele Mube, ben Selbstherricher in Berfailles ju biefer Anerkennung eines neuen nicht auf dem Erbrecht beruhenden, sondern bon bem Parlamente übertragenen Ronigthums von Großbritannien zu bewegen; ba aber Jacob felbft die Erflarung abgegeben, daß er mabrend ber Lebenszeit Bilbelms teinen Berfuch niehr zur Biebererlangung bes englischen Thrones machen werbe, fo ließ Ludwig das Unvermeidliche geschehen. In möglichst reservirter Form gab der frangofische Bevollmächtigte die Buficherung, bag fein Berr und Gebieter ben Statthalter von Holland als Ronig von England anerkennen und beffen Reinde "ohne alle Ausnahme" weder direft noch indireft unterftuten werde. Auch ftand man ab, die Rudfehr ber Emigranten ju fordern; dafür gab aber Bilbelm auch die Busage, daß bas Fürstenthum Orange, bas ihm wieder gurud. gegeben wurde, nicht als Afpl flüchtiger Sugenotten bienen folle. Die frangofischen Flüchtlinge, die dem Oranier den Thron hatten erfämpfen belfen, durften fich nicht einmal an bem Saume bes alten Frankreich anfiedeln. Bie gang anders mahrte Ludwig XIV. die tatholischen Intereffen in ber Rysmider Claufel!" Die mit Bilhelm und ben Sollandern abgeschloffenen Braliminarien festen ben frangofischen Ronig auch biesmal in die Lage, besto anspruchevoller gegen die übrigen Theilnehmer der Alliang, insbesondere gegen Deutschland aufzutreten.

## IV. Frankreich und Die neut europäische Coalition.

#### 1. Die Rheinische Pfalz seit dem Weftfälischen frieden.

Rurfürft Rach dem Abichluß d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war der Sohn bes ungludlichen wig. 1649 Böhmenkonigs Friedrich V. und ber englischen Ronigstochter Elisabeth, Rarl Ludwig -80 in die Pfalz zurudgekehrt, die er als Kind verlaffen hatte. Eine schwere Bergangenheit lag hinter ibm; er hatte in England mit eigenen Augen gefehen, wie das Saupt feines Dheims Rarl Stuart unter dem Benterbeil der Buritaner gefallen, und feiner in Solland weilenden Mutter die Schmerzensbotichaft überbracht; und als er jest in bas berarmte und vermuftete Beimathland einzog, ba tonnte er gewahren, welche Fruchte ber religiofe Fanatismus in seinem Schoof berge. Und er war nicht unempfanglich fur bie Lehren und Gindrude, welche bas ernfte Leben ihm jugetragen : er mar fruhe jum Manne gereift, die Reigungen ju Musschweifungen und Genuffen hatte er abgelegt, er brachte ein warmes Berg fur das Bolt, ein bulbfames Gemuth fur religiofe lieberzeugungen in das Land feiner Bater am Rhein und Redar gurud. Durch Rachlas oder Befreiung von Steuern auf langere ober furgere Beit fuchte er gum Anbau ber Relber, jur Bieberherftellung ber gerftorten Dorfer und Stadte, ju neuen Anlagen ju ermuntern, Bleiß und frifchen Lebensmuth ju erweden. Dit berftandigen Rathen im Finanzwefen, in ber Berwaltung, im vollewirthichaftlichen Leben wurden zwedmäßige Reformen gefchaffen, beilfame Anordnungen getroffen. Durch religiofe Lolerang und

Beitherzigkeit beforderte er die Riederlaffung fremder Unftedler. Babrend man in Bittenberg und Leipzig die Melanchthonianer als "fyncretiftifche Mameluten" verlegerte, die gemifchten Chen amifchen Lutheranern und Calviniften als Tobfunde verfluchte, mar der Pfalger Rurfurft Rarl Ludwig bedacht, feinem Bolte den firchlichen Frieden gu icaffen und ju erhalten: Er erlaubte ben Lutheranern die Providengfirche in Seidelberg zu erbauen; er gestattete ben Biedertaufern fich in Mannheim, den Biemontefifchen Balbenfern fich in Germersheim niederzulaffen; er gewährte allen driftlichen Confeffionen freie Religionsubung. Die Profefforen der weltlichen Facultaten verpflich. tete er nur auf das Bort Gottes und die altesten ötumenischen Symbole, er errichtete für Bufendorf einen Lehrstuhl bes Raturrechts und ging mit bem Gebanten um, ben judifchen Bhilosophen Spinoza fur die Universität zu gewinnen. Das wiederhergestellte Frauleinstift Reuburg follte auch lutherischen Tochtern juganglich fein. Bahrend anderwarts der Berfolgungsgeift fich ju neuen Rampfen ruftete, murde unter ibm die Univerfitat Beidelberg "eine fefte Burg atademifder Freiheit inmitten der Lande des Rrummftabs". Die Fruchte biefer baterlichen und milden Regierung traten balb ju Tage. Das von ber Ratur reich gefegnete Land blubte in Rurgem rafch empor, fo bag ber Maricall bon Grammont, der im 3. 1646 mit feinem Beere durch die bermuftete und berwilderte Gegend gefommen war, swölf Jahre fpater fcreiben tonnte, Stadt und Land mache den Cindrud, als wenn niemals Rrieg geführt worden mare. Der Rurfürft felbft bat burd Sparfamteit und umfichtigen Saushalt mefentlich ju bem Emportommen des Landes beigetragen und bem Bolte ein gutes Beispiel gegeben.

Bie febr mare bem wohlwollenden Furften ju munichen gemefen, daß er auch in Berbaltniffe. feiner Sauslichkeit bas Blud und den Frieden gefunden hatte, die er überall ju fordern bedacht war. Aber auf feinem ehelichen Leben lag ein dunkler Schatten. Seine Bemahlin Glisabeth, die Tochter des um die protestantische Sache und um das pfalgische Saus mabrend des Arieges fo hochverdienten Landgrafen Bilbelm von Beffen-Raffel und der hochsinnigen Amalia, erwiederte die warme Liebe und hingebung des Rurfürften mit Ralte und ftolger Burudhaltung. Sie hatte bei ihrer Berlobung eine andere Reigung im Bergen getragen und in den Chebund mit innerem Biderftreben gewilligt; und fie befaß nicht Selbftbeberrichung genug, um fich mit ihrem Schidfale auszufohnen ; ihre talte Schonheit war unempfanglich fur die Liebe ihres Gemahls; ihre Launenhaftigkeit und ihr widerftrebender Sinn ließ tein harmonisches Busammenleben auftommen; ihr Sang zu glanzenden und raufdenden Bergnugen, zu Festlichteiten und Jagdpartien fand an dem einfachen fparfamen Sofe zu Seidelberg teine Befriedigung. Die Difberhaltniffe mehrten fich, als Rarl Ludwig feine Reigung einer jungen fconen Sofdame, Luife von Degenfeld, juwandte. Rach vielen gereigten Auftritten tam es endlich fo weit, daß der Rurfurft fich von feiner Gemablin trennte und mit dem Edelfraulein, der er den alten pfalgischen Abelstitel einer "Raugrafin" verlieh, eine morganatische Che einging. — Das geschah um Diefelbe Beit, als fich seine jungfte Schwefter, die eben fo geistreiche als schone Prinzessin Sophie auf dem Seidelberger Schloß mit Bergog Ernft August bon Braunschweig-Luneburg bermabite, eine Berbindung von fünftiger welthiftorifcher Bedeutung. Ihr altefter Sohn Georg Ludwig follte dereinft die Krone von Großbritannien tragen.

Auch die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machten bem reizbaren heftigen Aurfürsten Auswärtige viel Berdruß. Sein Streben war darauf gerichtet, dem Rurfürstenthum die frühere beiten. Stellung ju erwerben, die verlornen oder ftreitigen Gerechtsame und Territorien jurud. zubringen. Dadurch fah er fich in manche Sandel und gehden verwickelt, bald mit ben bagerifden Bittelsbachern, welche dem pfalgifden Bweig bes Saufes bas Reichsvicariatsrecht mahrend bes taiferlichen Interregnums ftreitig machten; bald mit ben

Rachbarn, insbefondere dem Erzbifchof von Maing, welcher bem Pfalzgrafen den Befig von Ladenburg und andern Orten an der Pergstraße bestritt und nicht gulaffen wollte, bas er wie feine Borfahren bas "Bilbfangrecht" übte, d. h. alle in ber Pfalz und Umgegend wohnenden "Bilde" oder Fremde als "eigene Leute" behandelte und mit einer Ropffteuer belegte. Da mar es benn fur Rarl Ludwig ein großer Bortheil, bas bie beiden garantirenden Dachte des weftfalifden Friedens, Schweden und Frankreich ibm wohl gefinnt waren, jenes weil seit Christinens Abdantung fein Bermandter, Rarl Guftav von Pfalzzweibruden die fcmebifche Krone trug, diefes weil Ludwig XIV. die Stellung gu rheinifchen Fürften in fein Intereffe ju ziehen befliffen mar. Auch Rarl Ludmig verfomabte es nicht, gleich fo mandem andern beutfchen gurften, von dem Berfailler bof Subsidien anzunehmen, einen "Judaslohn" wie man es bezeichnete; und als er dem Bergog bon Orleans, dem Bruder bes frangofifchen Monarchen feine Sochter Glifabeth 1671. Charlotte in die Che gab, gedachte er bas Bundnif noch enger zu tnupfen. Schmeichelte er fich boch eine Beitlang mit bem Gebanten, Lubwig XIV. murbe Lothringen und einige umliegende Territorien ju einem Ronigreich "Auftrafien" vereinigen und ihn jum Berricher einfegen. Aber wie balb follte er feines Brithums gewahr merben! Das Bundniß mit Frankreich war die Quelle unfäglichen Bebes für bas Pfalzer Land. Die traftvolle geiftreiche Fürftentochter, beren Briefe an ihre Balbichmefter Luife und an andere Bermandte ein fo lebendiges Bild bon bem Sarifer Bof- und Gefellicaftsleben entrollen, hatte eine Ahnung von den verhangnisvollen Folgen der frangofischen Beirath, um derentwillen fie ihren calvinischen Glauben und ihr inneres Lebensglud bingab; fie betrachtete fich als "das politische Lamm, das dem Staate geopfert ward". Rail Ludwig felbst mußte noch erleben, daß in dem erften Coalitionstrieg die Rheinebene und die Bergftraße in Brandftatten und Bufteneien verwandelt murben und boch marm jene Berbeerungen und Drangfale, die uns aus den früheren Blattern betannt find, nur das Borfpiel bon ben Graueln und Unthaten, welche bald nach feinem bingang

Das pfdlgi= iche Rur= Auf dem Simmernichen Rurhaufe lag ein hartes Berbangnis. Der Erbprin: haus. Rarl, den die nach Raffel jurudgekehrte Charlotte ihrem Cheheren geboren, war von fcmachlicher Gefundheit; feine Schwefter, Die Bergogin bon Orleans, an Beift und Charafter das Chenbild ihres Baters, fühlte fic ungludlich an bem Berfailler Dof. Luife bon Degenfeld hatte bem Rurfürften eine große Bahl trefflicher und wohlgeftalteter Rinder gegeben; als ber trauernde Gatte die Gestorbene in der "Concordientirche" ber Marg 1677. Mannheimer Friedrichsburg beisehen ließ, umftanden funf Sohne und drei Docter Die Gruft. Allein unebenburtig und von dem Stiefbruder in der Folge lieblos behandelt, traten die Raugrafen größtentheils in fremde Rriegsdienfte und fanden fammtlich einen frühen Lod; bon den Löchtern find zwei unverheirathet geblieben; mit ber zweiten. der Raugrafin Luife, welche die geiftigen Fabigteiten des Baters mit der fconen Beib-

nifden Ronigstochter Bilbelmine Erneftine teine Rinder.

über das Bfalger Land hereinbrechen follten.

lichkeit der Mutter vereinigte, hat ihre Salbichwester in Baris den lebhaften Briefwechfel unterhalten, beffen wir eben Erwähnung gethan. Die Bruder bes Rurfürften, Die und aus den englischen Rriegen befannten Pfalzischen Prinzen, verbrachten ihr Leben in der Fremde. Ruprecht hatte gurnend über des Rurfürsten unfreundliche Behandlung feinem Beimathlande den Ruden gewendet und war durch teine fpatere Cinladung des Brudere zur Rudlehr zu bewegen. So ging der eble Fürstenstamm feinem Ende entgegen. Als Rarl Ludwig auf einer Reise von Friedrichsburg (Mannheim) zu Chingen auf seinem Lehnftuhl unter freiem himmel bon einem hipigen Fieber dreiundfechzig Sabre alt 28. Mug bahingerafft und in der Beiliggeiftfirche ju Beibelberg beigefest mar, ruhte bie mannliche Dynaftie auf zwei Augen. Denn der Rurpring hatte in feiner Che mit ber ba-

### IV. Frankreich und die neue europäische Coalition.

Bie berichieben mar der neue Aurfurft Rarl, ber auf die Aunde von dem Tode Aurfurft Rart 1660 bes Baters rafc von feiner englischen Reise gurudtehrte und die Regierung antrat, von -1885 dem Dahingegangenen. Bon schwacher Gefundheit, ohne Liebe und Bertrauen ju bem 17. Det. Bater, Beuge ber ehelichen Bermurfniffe ber Eltern hatte er eine freudlofe Jugend verlebt; und auch die Heirath mit der auf ihre königliche Abkunft stolzen unliebenswürdigen Prinzeffin von Danemart hatte ihm tein Glud gebracht. Melancholisch und mit der Belt zerfallen trat der taum dreißigjabrige gurft die Berrichaft an, ohne eine Spur von ber traftigen Ratur und ber eifernen Billensthatigleit bes Borgangers. Der einzige Menfc, bem er bisher Gewogenheit und Bertrauen gezeigt, mar fein Lehrer Baul Sach en berg, und ficerlich batte berfelbe auch ferner auf ben Sang bes Staatslebens einen bedeutenden Ginfluß geubt, mare er nicht icon wenige Monate nach dem Regierungswechfel in auffallender Beife ploglich geftorben. Aber Rarl mar eine unselbstandige Ratur; und fo traten balb andere Rathgeber an die Stelle bes babingegangenen Gunftlings, und von ihrer Richtung hing auch vielfach das Regierungsspftem und die Bolitit ab. So bewirfte ber hofprediger Langhanns, bag bie religiofe Tolerang und confessionelle Beitherzigkeit Rarl Ludwigs bald einer rigoroferen Rirchlichkeit weichen mußte. Der ftrenge Calvinismus, wie er burch Friedrich III. begrundet worden, follte in Glauben, Cultus und Berfaffung wieder hergestellt werden. Satte dies einerseits bie beilsame Birtung, bas bei ber Aufbebung bes Chitts von Rantes ffüchtige Sugenotten ein Afpl in der Pfalz fanden und daß vertriebene Calvinisten aus Sachsen Ungarn, Frankfurt fich nach dem Lande ihres Bekenntniffes retteten; fo führte andererseits die confessionelle Engherzigkeit babin, daß man die Lutheraner in ihren Rechten verturate, fie in ihrer Religionsubung und firchlichen Autonomie befchrantte und ihnen manden läftigen 3wang auflegte. Und auch in weltlichen Dingen gewahrte man bald eine große Beranderung. Das vollswirthschaftliche Sparspftem, wodurch fic Rarl Ludwig hauptfächlich ben Beinamen eines "Biederherstellers der Pfalz" verdient hatte. wurde aufgegeben; die turfürftliche hofhaltung wurde glanzender und toftfpieliger; Raris Gemablin und feine bon Raffel jurudgelehrte Mutter liebten Bracht und Aufwand; Schauspiele, Masteraden und Feftlichteiten aller Urt belebten die gefellichaftliche Unterhaltung ; ber Rurfurft felbft ftellte militarifde Scheintampfe an ; eine gablreiche hofdienerschaft mehrte die Ausgaben. In Rurzem war der Rachlas des verftorbenen Aurfürften verschwunden, für die Roften des turfürftlichen Saushaltes und des Staates mußten neue Ginfunfte beschafft, neue Steuern aufgelegt werden; Die Refibeng, wo bisher burgerfiche Einfachheit, Bucht und Sittlichkeit geherrscht, war bald berüchtigt wegen Ausschweifung und Unmäßigkeit ber Cavaliere, wegen Corruption ber Beamten. Ran ahinte den hof von Berfailles und Bhitchall nach, aber die feineren, weltmannischen Manieren fehlten. Der Aurfürft felbst hatte am wenigsten Theil an dem Freudeleben: fein Bang gur Schwermuth nahm immer gu; gegen feine Gemahlin hegte er eine folde Abneigung, daß er alle ebeliche Gemeinschaft mit ihr mieb; bon anderem weiblichen Umgang hielt ihn die calvinische Sittenstrenge gurud. Es ging wohl die Rebe, daß er zu einer Bofbame, Rudt von Collenberg eine Berzensneigung gefast habe ;

Rarls einziger Bertrauter und Gunftling war Langhanns; auf ihm lag daber Die Erbfolge der Reid und das Uebelwollen der vornehmen Welt, ihm wurden alle Fehler und Dig- Aus ftande zugefchrieben. Und eines argen Berfebens, das balb viel Unglud über bas Land Mai 1685. brachte bat er Ad alleband Control brachte, bat er fic allerdings fouldig gemacht. Als im Fruhjahr ber Rurfurft, jum Theil in Folge unvernünftiger Anftrengungen bei feiner Soldatenspielerei von einem hipigen Sieber befallen ward und wenig Hoffnung war, daß er vom Krantenlager wieder erfleben wurde; wurde mit bem erbberechtigten Rachfolger, bem Pfalggrafen Philipp

aber zu einem erflarten Liebesverhaltniß fceint es nicht gekommen zu fein.

Bilhelm von Reuburg, in Schmabifch-hall ein Bertrag gefchloffen, welcher die protestantifche Rirche der Pfalz ficher ftellen follte gegen ungerechte Bergewaltigung durch den tathe lifden Thronfolger. Diefes Bertragsinstrument, fraft deffen ber religiofe Buftand auf der im westfällichen Frieden festgefesten Grundlage erhalten werden follte, wurde durch die Saumigfeit des Bevollmächtigten Langhanus won bem im Sterben liegenden Aurfuften Rarl nicht mehr unterzeichnet. Anfangs fcbien Die Sache ohne Bedeutung zu fein, be Bbilipp Bilhelm, ein fiebenzigiäbriger Gerr von wohlmeinender Gefinnung, baublichen Iv genden und friedfertigem Charafter, den hallifden Reces als bindend anerfannte und gelobte, allen darin enthaltenen Berpflichtungen "unperbrüchlich nachzutommen"; aber fpate benutten die Jefuiten den formfehler, um den nur einfeitig unterfdriebenen Bertrag in seiner rechtlichen Guttigkeit angufechten. Go tam benn die Pfalz in eine abnlick Lage wie um diefelbe Beit England : ein protestantisches Land erhielt einen tatholische herricher, in beffen Gefolge ein Schwarm von Prieftern, von Befuiten und anden Ordensleuten einzog und feinen Theil an den reformirten Rirchongutern verlangte. Und auch darin hatten beide Staaten Aehnlichkeit, daß in heidelberg wie in Londen das neue Regiment mit Strafgerichten begann und Sudwig XIV. da wie dort mi Machtsprüchen herbortrat. Rarl's Gunftling, der Oberfirchenrath Langbanns wurde durch die Rabalen der verwittweten Aurfürstinnen und des grollenden Adels und Be amtenthums zu Brangerftrafe, Guterperluft und Gefangnis verurtheilt nach einen Gerichtsverfahren, bas an Ungerechtigkeit, Barteibag und Gewaltthatigkeit mit Jeffech's

"blutigen Affifen" verglichen werden konnte. Die Orles anefchen

Die Befigergreifung ber Aurlande durch Philipp Bilbeim bon Bfalg-Reubun Erban- nach ben Gefegen bes Reichs und bes turfürftlichen Saufes wie nach bem Teftament fortiche. des Berblichenen und dem Sallifchen Staatsvertrag, ging nicht ohne Ginfprache to Leopold Ludwig von einer 3meibrud'ichen Rebenlinie tonnte gmar mit feine Geltendmachung eines näheren Rechts nicht durchdringen. da der Kalfer und das tathe lifche Deutschland ein großes Intereffe hatten, daß der Sit im Rurfürstencollegiun nicht einem Protestanten zu Sheil ward; besto wirkfamer maren die Ansprüche Lub wigs XIV., der für seine Schwägerin Elisabeth Charlatte von Orleans nicht nur be gange bewegliche hinterlaffenschaft ihres Bruders Rarl in weitgebendem Umfange ber langte und allmählich einzog, fondern auch die Pfalz-Simmernfchen gande auf ba Imten Rheinseite als Erbtheil der einzigen überlebenden Schwester bes verftorbenn Rurfürften ansprach und endlich feine Forberungen über alle Territorien ausbehnte, wa denen nicht nachgewiesen werden konne, daß fie nur Mannleben feien. 3mar hatte it Brinzessin bei ihrer Berheirathung durch einen Revers auf allen Allodialbest nach dem Herkommen des pfälzischen Aurhauses Berzicht geleistet. Allein dies konnte auf der frangofischen Gewaltherricher um fo weniger Eindrud machen, als er ja auch die Gub tigkeit des Renunciationsattes feiner Gemablin, der fpanifchen Infantin, anfocht Politische und nationale Interessen waren babei im Spiele: ber Herzog von Orlean follte als Pfalzgraf von Simmern und Lautern Reichsfürft, die französische Grau nach dem Rhein vorgerudt werden. Ein Feberfrieg mit Rechtsbeductionen und Mamfesten, der den Reichstag in Regensburg und die Justizbehörden in Geidelberg Jahn lang beschäftigte, gewährte ber Berfailler Regierung die gemunschte Beit, ben geeigneten Moment abzuwarten, um ben Forberungen mit dem Schwerte Rachbrud ju geben. den Federfrieg in einen Baffentrieg ju verwandeln, der "Ufurpation" Philipp Bilbein Schranten zu feken.

### IV. Frantreich und bie neue europäische Caalition. 579

2. Die Augsburger Cique und der Streit im Erzflift Köln.

Die frugeren Berfuche, durch eine europaische Affociation der Bergroße- Die Auge ungefucht Ludwigs XIV. Schranten ju fegen, waren, wie wir gefeben, an ber Bwietracht und ben Partieularintereffen ber einzelnen Staaten gescheitert; ber rangofische Monarch fuhr fort, Die Grenglande in den Bereich seiner Machtsphare u gieben, burch Unlegung von Grenzfestungen das eigene Reich gegen feindliche Ingriffe ficher ju ftellen und jugleich geschütte Orte ju Ausfallen gogen bie Rachbarftaaten ju fchaffen. Diefe machfende Uebermacht eines rudfichtslofen jerrischen Autofraten konnte Guropa unmöglich länger ertragen. bandlungen Ludwigs ging berbar, bas es auf eine firchliche und weltliche Autoitat der Rrone der Lilien über alle andern Fürsten und Staaten abgeseben sei. Bas tonnte ein Monarch, der über eine graße friegerische Ration unumschrantt gebot und jedes Bolferrecht nur im eigenen Intereffe beutete, gegenüber der gepaltenen europäischen Staatenwelt fich nicht Alles erlauben? In Frankreich tellten Religion und Cultur, Rrieg und Staatsverwaltung, Auswärtiges und Inneres eine Einheit bar, in welcher ein einziger Bille gebot, ein Bille, ber, veil er bem nationalen Gebanten entsprach, freudigen Gehorfam fand, bem alle Rrafte ber Gefammtheit fich unbedingt unterordneten und bienten. Insbesonbere waren die Staaten im Often und Rorben, Die rheinischen Glieber bes beutfchen Reichs und die fpanischen und bollandischen Riederlande ber Gegenstand ber frangöfischen Ereberungsluft. Die Erhaltung bes europäischen Gleichgewichts mar famit für biefe und andere eine Lebensfrage, eine Pflicht ber Rothwehr und Gelbfterhaltung. Go vereinigten fich unter bem Ginbrud ber öfferreichischen Giege in Ungarn mehrere europäische Machte abermals zu einer Friedensevalition gegen bie Gewaltherrichaft Ludwigs. Bunachft foloffen Bilhelm von Dranien, ber Rurfürft bon Brandenburg, fein Obeim und Ranig Rarl XI. ben Schweben 12. 3an. eine Uebereintunft, daß fie bie Friedensvertrage bon Beftfalen, Abintwegen und Regensburg aufrecht erhalten und jebe Berletung derfelben burch Frankreich mit gewaffneter Band verhindern wollten. Daraus ging noch in beinfelben Sahr die 6. Juli 1686. "Mugsburger Lique" bervor, in welcher fich ber Raifer, Spanien, mehrere Fürften und Rreise bes beutschen Rrichs, insbesonbere bie Wittelsbacher in Rurpfalz und in Babern, ju einer Defenfiv-Alliang mit jenen vereinigten. Gine Armee bon 60,000 Mann und eine Bundestaffe zur Beftreitung ber Roften follte burch gemeinsame Contingente und Matricularbeitrage aufgeftellt werben. Der Konig von Schweben, emport über Ludwigs Anfpruche auf Die Pfalg. 3weibrudichen Territorien und ergrimmt über beffen Berbindung mit feinem Begner Chris ftian V. von Danemark, gab ben Anftoß, aber als die Seele bes Ganzen galt ber Statthalter von Solland, den vor Allem baran gelegen fein mußte, Ludwig XIV. zu verhindern, den König Jacob II. von England in seine Repe zu gieben und zu Bafallendienften zu zwingen.

Berichieben-

Es waren widerstrebende Elemente, die sich in Augsburg zu der pacificatoartige 3nartige 3ntereffen rischen Politif die Sande reichten und verschiebenartige Motive waren dabei von Cinfluß : In Bien und Madrid tamen große Familienintereffen in Frage, Die auch bei ben baberifchen Bittelebachern mitfpielten. Aurfürft Mar Emanuel namlid, welcher im Jahr bes Ahmmeger Friedens feinem Bater Ferdinand Maria, bem Sobne Maximilians I. in ber Regierung nachgefolgt mar, hatte die Erzberzogin Maria Antonie, die Tochter Raiser Leopolds I. und der spanischen Infantin als Gemablin beimgeführt. Die Erzberzogin mußte zwar bei ihrer Bermablung allen Ansprüchen auf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für ben Fall bes kinderlosen Ablebens ihres Dheims Rarl II. entfagen; dagegen ftellte man bem Aurfürsten die Statthalterschaft der fpanischen Riederlande in Aussicht mit der Buficherung, das biese Burbe in feiner Berfon "perpetuirt" werben follte. Und war benn der spanische Ronig genothigt, die erzwungene Entsagung seiner Richte anzuertennen? Bir werden in der Folge feben, daß Rarl II. gang und gar nicht die Absichten bes Biener Hofes theilte. Dazu tam noch die streitige Bahl im Eraftift Roln, wobei das baperische Fürstenhaus zu den Blanen Ludwigs XIV. in Gegenjat trat. So geschah es, daß bei den neuen friegerischen Berwidelungen Max Emanuel die traditionelle Politit der baperischen Bittelsbacher aufgab und fich ber antifrangöfischen Allianz anschloß. Ein militarisch gebildeter Kurft, ber im taiferlichen Dienste fich in Ungarn wiber bie Türken berborgethan batte, wurde ber Aurfürft als Hauptführer ber verbundeten Armee auserseben. Auch der Bfalge graf Philipp Bilhelm von Reuburg, bem, wie wir fo eben erfahren haben, im vorhergehenden Jahr die rheinische Rurpfalz zugefallen mar, und ber nun fein Stammland, fo wie das Bergogthum Julich-Berg bem ererbten Gebiete beifugn, wurde durch die Anspruche Ludwigs XIV. für ben Bergog von Orleans auf die Seite der Augeburger Berbundeten gedrängt. Alle Theilnehmer verpflichteten fich zu gemeinsamem Sanbeln; Riemand sollte fich auf einen Sonbervertrag ein-So weit hatte es Ludwig XIV. mit seiner rechtsverlegenden Politik gebracht, daß alle europäischen Mächte ohne Rudficht auf religiose Berichiedenbeit fich die Sande zum Biderstand gegen eine unerhörte Gewaltherricaft reichten. Bir wiffen, daß fich bei dem Raifer und andern tatholischen Bundesverwandien confessionelle und legitimistische Bebenten regten, ob fich ein Bund mit Bilbelm von Oranien, mit Holland und den englischen Whigs gegen Ludwig und Jacob II. Stuart rechtfertigen laffe. Aber vor bem Bag gegen den anmaßenden Machthaber in Berfailles, ber felbft ben Turfen feine Sompathien zuwandte, traten alle andern Rudfichten und Erwägungen in hintergrund. Begunftigte boch selbst der Papst die Augsburger Lique!

Brandfifde Dem Monarchen in Berfaiues eniging to mage, our men neuen Arieg gefast little. tion gegen Frankreich im Bert fei und daß er sich auf einen neuen Arieg gefast machen mußte, wenn er bas burch Raub und Gewaltthat Errungene behaupten wolle. Um aber herr ber Situation zu bleiben und ben gunftigen Moment gur

Schilberbebung abwarten zu tonnen, folug er verschiedene Bege ein: Babrend er die Grenzbefestigung, inebesondere die Fortificationen in Buningen und Trarbach aufs Gifrigfte betrieb, um jum Schut wie jum Angriff geruftet ju fein; ließ er jugleich auf dem Reichstag den Antrag ftellen, daß der Regensburger Stillftand in einen befinitiben Frieden bermandelt werde. Damit mare augleich die formliche Abtretung aller eroberten Bebiete mit Ginfcluß von Strafburg und Lugem. burg inbegriffen getvefen. Aber fo allgemein war felbft in Deutschland bas Mißtrauen gegen ben frangofischen Bewalthaber, ber in ben Pfalzer Erbanfpruchen feine unerfattliche Dabgier und Bergroßerungefucht aufe Reue fund gab, baß er in Regensburg mit feinem Borfclag nicht durchzudringen vermochte. Auf Betreiben des Brandenburgischen Bewollmächtigten murbe die Umwandlung des Stillftandsvertrages in einen Frieden gurudgewiesen; boch gab man die beruhigende Berficherung, daß das Augsburger Bundnig nur defenfiver Ratur fei und bag Raifer und Reich nicht baran bachten, Frankreich mit Rrieg ju über-In diefer Beigerung glaubte Ludwig die gebeime Absicht ber Berbunbeten zu erkennen, nicht blos ber frangofischen Eroberungspolitit entgegenzutreten, fondern auch bei der erften gunftigen Beranlaffung die Früchte der Reunionen ihm mit ben Baffen wieder zu entreißen. Und gerade bamals ftand er im Begriff, burch bas biftatorische Auftreten in ber Pfalz und in ber Rolner Ergbijchofswahl die Autoritat Frankreichs bis an ben Rhein auszudehnen. Roch waren die taiferlich-ofterreichischen Baffen in Ungarn beschäftigt; Die Streitfrafte des Reichs tonnten somit nicht im Beften concentrirt werden, der frangofischen Rriegsmacht am Rhein teinen erfolgreichen Biberftand leiften. Benn jest ber Rrieg begonnen warb, fo konnten zugleich die Osmanen bor weiteren Unfallen bewahrt, die Abfichten bes Draniers und ber Hollander gegen die Stuartiche herrichaft burchtreugt, der frangofische Ginfluß über die westlichen Gebiete des Reichs befestigt, in ben Protestantismus, ber in ben Riederlanden und im nordlichen Deutschland feine Sauptftugen batte, ein Reil getrieben werden. fprach bafür, daß man die Belegenheit, ba fo scheinbare Grunde gur Rriegser. flarung vorlagen, nicht unbenutt vorübergeben laffe. Rur burch eine rasche Echilderhebung fonne die Ehre und Machtstellung Frankreichs behauptet, konne in England die tatholifche und absolutiftische Politit bes verbundeten Stuart burchgeführt, tonne die turtisch-ungarische Opposition gegen Desterreich bor ganglicher Riederlage bewahrt werben. Bill man noch perfonliche Grunde annehmen, fo wird man diefelben weniger in ber bekannten Erzählung fuchen burfen, Louvois habe feinen über das unsymmetrifche Kenfter am neuen Luftschlog Trianon gurnenden Gebieter burch Rriegehandel beschäftigen und die brobende Ungnade von fich abwenden wollen, als in bem Chrgeize Ludwigs ju beweisen, bag fein Borgeben gegen die Sugenotten ibn nicht geschwächt habe, bag er noch immer bet friegebereitefte Fürft von Europa fei.

Die Bor-Rein Reichsfürft war dem Interesse Frankreichs so zugethan wie der Aurfürst: Erz-Ginge im bifchof Deinrich Magimilian von Koln aus bem baberifchen Saufe, der gwei Jahr Roln. nach bem weftfällichen Frieden seinem Obeim Ferdinand, dem er icon seit 1643 als Coadjutor zur Seite gestanden, auf dem erzbischöflichen Stuhl nachgefolgt war. Bugleich Fürftbifchof von Luttich und Bifchof von Munfter und hildesheim war er für Ludwig ein wichtiger Bundesgenoffe. Die beiden Fürstenberge, die wir bereits als die ergebenften Diener bes frangofischen Monarchen tennen gelernt, waren bie einflufreichftm Rathgeber des Rirchenfürsten und hielten ihn bei der frangofischen Politik feft. All Frang Egon ftarb, wurde auf Ludwigs XIV. Betreiben fein Bruber Bithelm befin Rachfolger auf dem Bifchofftuble ju Strafburg; allein er leitete nach wie bor bon Bonn aus die Angelegenbeiten des Rolner Ergftiftes im Intereffe Frankreichs. Dafür verschaffte ihm der Ronig den Rang eines Rardinals und gab fich alle Dube, ihm auch bie Rachfolge in den geiftlichen Burden Beinrich Magimilians ju fichern, wenn der ber fahrte Rirdenfurft mit Lobe abgeben murbe. Frangofifder Ginflug und frangofifde 7. 3an. 1888. Gold festen es durch, das Bilbelm von Fürftenberg jum Coadjutor bes Erzbifchoft

ernannt warb, und als einige Monate fpater Beinrich Magimilian aus dem Leben 3. Inni 1888. ging, zweifelte man in Berfailles keinen Augenblick, daß er in deffen Stelle einrückn wurde. Birflich enticied fich auch die Mehrheit des Domcapitels fur feine Bahl. Die formalen Schwierigkeiten wußte man aus bem Bege ju raumen. Aber follten Raifer und Reich rubig gefdeben laffen, daß eine der erften fürftlichen Burben einem Dann übertragen ward, bem ber Bortheil Frantreichs über Alles ging, ben ber Raifer feina reichsfeindlichen Gefinnung wegen in haft gehalten? Die Gultigfeit ber Babi wurde angefochten und ein junger Pring aus dem baperifchen Baufe, Joseph Clemens, all Gegencandidat aufgestellt. Schon seit mehr als einem Jahrhundert hatten Gliede biefes Fürstengeschlechts ben kölnischen Rurhut getragen; warum sollte man jest 11 Sunften eines fremden Goldlings von diefer Tradition abgeben ? Bei der in Rois herrichenden Stimmung hielt es jeboch fower, Diefer Anficht Gingang ju verfchaffen. Die meiften Domcapitulare waren burch frangofisches Gelb gewonnen worden, für der Rardinal zu stimmen. Sie beschönigten ihre Motive durch Berufung auf die Bahlfreiheit. Fürstenberg erhielt die Dehrheit, und wenn auch die bei einem "poftulirten" Bifchof erforderliche Stimmenzahl von zwei Drittel nicht erreicht ward, fo wurde a bennoch als Erzbifchof ausgerufen und fing an mit den ihm ergebenen Domberren ben Bonn aus bie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Dinge bes Aurftaats ju regieren. Bar er bod des frangofischen Schutes fichet. Dagegen gewann in Roln felbft die baberifche Partit die Oberhand; und in Luttich und den andern Bischofftadten vermochte Fürftenben trop der frangösischen Unterftupung nicht durchzudringen. Dort war der Ginflus Bis helms bon Oranien und bes neuen Aurfürsten von Brandenburg, Friedrichs III. widfam genug, ber frangofischen Partei bas Gegengewicht zu halten. Bei diefer Lage da Dinge war es von entscheibender Bichtigkeit, daß Papft Innoceng XI., ber damals gerade mit Ludwig XIV. im Streite lag (S. 421.), fich auf die deutsche Seite ftellte. Die Congregation der Kardinale erkannte den von der Minderheit des Domcapitell gewählten und von dem Raifer "mit Rudficht auf die Bohlfahrt des Reichs" begunftigten bayerischen Bewerber Joseph Clemens als Erzbischof an und das Aurfürstencollegium nahm ibn in feine Mitte auf.

Die voli-

Sollte aber bet frangofische Monarch biese Borgange ruhig hinnehmen, Die Ber tifde Lage im 3. 1888. failler Politit beftegt vom Kampfplay weichen? Diefer Gedanke war bem Stolze bei Ronigs unerträglich. In bem Augenblid, ba Defterreich an ber Spipe driftlicher heen im Often die Osmanen aus der vorherrichenden Stellung drangte, die fie feit mehr all einem Jahrhundert behauptet hatten, und die Donaulander guruderoberte, mußte ein

Rachgeben von Seiten Frankreichs als eine Demuthigung, als ein Burudweichen aus ber bieherigen Praponderang ericheinen. Burbe Ludwig bamit nicht zugesteben, bag, wie die Begner behaupteten, ber wiber die Sugenotten geführte Schlag feine Dacht gefdmacht babe? Die Chre Frankreichs und bas Anfeben bes Konigs verlangten, bas eine folche Unfict burch neue Siege im Belbe niedergefclagen werbe. Bolitifche und religiofe Motive wirtten gufammen. Dit ber geffegung des frangofichen Ginfluffes im Roiner Graftift follte zugleich ben proteftantifden Rachbarftaaten ein brobenbes Gegengewicht aufgestellt und den chrgeizigen Blanen bet Draniers ber Beiftand der Beneralftaaten entzogen werden. Aber wir wiffen bereits, daß diefe Berechnung nicht Die religiofe Bedrohung fcarfte auch bas reformatorifche Bewußtfein. Die Riederlande unterftugten bas Unternehmen ihres Statthalters, und bamit nicht während ber englifden Expedition bes Oraniers Bolland von ben frangofifchen Rriegsheeren ans gegriffen werben und bie Ratuftraphe bon 1672 fich wieberholen mochte, hatte Bilbelm durch feinen Bertrauten Bentind mit bem Aurfürften Friedrich III. von Brandenburg und mit Beffen und Sannover einen Bertrag gefchloffen, traft beffen beutiche Eruppen bie Grengen der Republit buten und jedem Berfuch einer frangofischen Invafion entgegentreten follten. Es ift uns befannt, welchen wichtigen Antheil bie beutschen Bulfstruppen und die flüchtigen Sugenotten an dem Geffingen der englischen Mebofation und an der Bewältigung der irifden Emporung genommien haben. Und als bei dem Musbruch des continentalen Rrieges Frankreich feine Angriffe nicht gegen holland, sondern gegen die Gebiete des Mittelrheins richtete, wendeten die beutfchen Reichsfürsten, benen auch noch Cachfen beitrat, ihre Baffen borthin, um junachft Roln und Robleng ju fichern. "Go bildete fich eine Bereinigung berfelben Rurftenbaufer, Die einft bie Reformation der Rirche durchgefochten hatten, ju ihrer Rettung in Europa". Der Marichall Schomberg, ben bei biefer Belegenheit ber Branbenburger Aurfürft bem Oranier abtrat, hat, wie wit wiffen, sowohl durch feine Artegserfahrung als burch feine Betanntschaft mit der englischen Ration und Sprache wesentlich zu den Erfolgen Bilhelms III. beigetragen.

#### 3. Der Orleans iche Krieg in der Pfalz.

Als im Ariegsrach der neine Wassengang berathen wurde, war Louvois Die französser Ansicht, man solle wieder wie im Jahre 1672 gegen den Riederthein und am Abein. Holland ziehen. Allein der König meinte, es liege dem Interesse Frankreichs wäher, die Wassen zumächst zum Shuße der Ansprücke des Herzogs von Orleans auf die Pfälzer Erhschaft zu ergreisen. So wurde der Feldzug gegen die Abein. Witte Sept. pfalz unternommen, ohne daß zuvor eine Ariegserklärung vorausgeschickt worden wäre. Als in Versailles ein Manisest ausgegeben ward, worin es hieß: der 24. Sept. Raiser hege schon lange die Absicht, nach Beendigung des Türkentriegs Frankreich anzugreisen, zu dem Aweck seine Wessendigung der Türkentriegs Frankreich anzugreisen, zu dem Aweck seine man die Besignahme der durch das Abseben des Ausfürsten Karl der Herzogin von Orleans zugesausenen Güter und Länder zu verhindern und den Cardinal von Fürstenberg aus dem Erzdisthum Köln zu verdrücken, waren bereits zwei französische Heter ins Feld gerückt, das eine, bei dem sich der Dauphin selbst besand, unter dem Marschall von Duras und den Generalen Bauban und Catinat gegen die Heltung Philippsburg, das andere unter Bouss-

lers gegen die Rheinpfalz. In wenigen Bochen wurden Raiferslautern, Algei, Reuftadt und Oppenheim befest, die schuslosen Reichsstädte Borms, Speger, Mains zur Aufnahme frangonicher Besabungen gezwungen. Als am 21. Oftober Philippsburg fich vertragsweise ergab, vereinigten fich beibe Abtheilungen und

drangen in das Berg der Rurpfalz vor. Rachdem Mannheim und Frankenthal Mov. 1888. gur Uebergabe gezwungen, nahm ber Dauphin mit bem Generalftab seinen Aufenthalt in dem von dem turfürftlichen Bofe verlaffenen Beidelberg. Bahrend bes Binters murden die Ortschaften im Redar- und Rheingebiet besett; weit in bas fudweftliche Deutschland streiften frangofische Beerabtheilungen. Aber mit bem neuen Sahre anderte fich die Lage. Im December suchte

ber Pfat, 1888. Bacob II. in St. Germain eine Bufluchtsftätte und Wilhelm von Oranien konnte nunmehr die englischen und hollandischen Streitfrafte wider Frankreich wenden. Bebr. 1880. In Regensburg und Bien murbe ber Rrieg gegen ben Reichsfeind erklart; beutsche Truppen richteten ihren Marich gegen ben Rhein. Da fonnten die frangofischen Beere bie ausgesetten Boften und fleinen Plate nicht behaupten; fie mußten fich auf eine nabere Bertheidigungelinie gurudziehen, auf die größeren Feftungen fich beschränken. Und nun wurde jene barbarische Magregel angewendet, welche den frangofischen Ramen fur alle Beiten mit Bag und Schmach bebeckt bat. Um ben Feinden das Gindringen in Frankreich unmöglich ju machen, murbe in Berfailles ber Befdluß gefaßt, burch Berbeerung ber Rheingegenden eine Buftenei amifchen beiden Reichen zu ichaffen. Louvois fchrieb an den Marfchall Duras es fei bes Ronigs Bille, bag alle Orte und Plage, welche ben Feinben :un Aufenthalt ober ju Binterquartieren am Rheine bienen ober ben frangonichen Blagen an biefem Fluffe jum Schaben gereichen tonnten, gerftort werden follten Diefem Befehl eines hartherzigen Miniftere und eines thrannischen Konige bruler le Palatinate murde mit unerhörter Graufamfeit Kolge gegeben. Bor ber Rriegerafon verschwand jede Rudficht ber Menschlichkeit. Bie Mordbrenner fielen die wilden Schaaren über die blubenden Dorfer an der Bergftrage, über Die reichen Stabte am Rhein, über Die Ortschaften der sudlichen Bfalg ber und verwandelten fie in Afchenhaufen. Der hesprengte Thurm bes Beibelberger Schloffes ift noch jest ein ftiller Beuge von ber Barbarei, mit ber Delac und andere Anführer die Befehle einer graufamen Regierung vollzogen. Elifabeth Charlotte, die fich als Ursache zu bem Ruin ihres Baterlandes betrachtete, bracht in lautem Beinen die Rachte zu und fprach ihren Schmerz in zahllofen beutschen Briefen aus. Bom Mary bis tief in den Sommer hinein dauerte bas Bert ber Berftorung. Beibelberg ging jum Theil in Flammen auf, nachbem bie Redarbrude in die Luft gesprengt worden; Robrbach, Biesloch, Rirchheim, Baden, Bretten, Raftatt, Pforzheim u. a. D. murden niedergebraunt, Sandfcuchebeim, Ladenburg, Doffenbeim, Schriesheim erholten fich nie wieder gang von ben Berheerungen, womit fie ber "allerdriftlichfte" Ronig beimfuchte; vom

Haardigebirge bis zur Rabe — Frankentbal, Alzen, Kreuznach — rauchten

Städte und Dörfer, Beinberge und Fruchtfelder; in Mannheim mußten die Einwohner felbft zerftorende Band an die Festungswerte und Gebaube legen. Borms wurde mit Ausnahme ber Domtirche in eine ode Brandstätte ver. Juni 1689. wandelt, in Speper verjagten die Frangofen die Burgerichaft, gundeten bie ausgeplunderte Stadt und ben altehrwurdigen Dom an und trieben Sohn mit den Gebeinen der alten Raiser. Oppenheim murde verwüftet. Da ing und die meiften Stadte bes Rolner Ergftifts erhielten frangofische Befagungen; tief in Schwaben und in Franten trieb der Reichsfeind Brandfdagungen ein. "Man tann noch beute die Solgschnitte der Beit, in benen über den Thurmen und Dachern fo vieler altberühmten und funftgefchmudten Stadte die berausschlagenden Flammen und die barüber liegenden Rauchwolfen abgebildet find, nicht ohne Bergeleid ansehen." Der Bergog von Crequi fagte ben flebenden und jammernden Ginwohnern von Borms: er habe eine Lifte von awolfhundert Ortschaften; die mußten alle verbrannt werden, weil die deutschen Fürften fich mit bem Prinzen von Oranien gegen ben tatholischen Ronig von England berichworen batten! Darum hatten auch vor Allem die Reformirten gu leiden; in ihren Rirchen wurde fur die Solbaten Deffe gefeiert und nach bem Frieden wurden fie bann fur Simultantirchen ertlart.

## 4. Der zweite Coalitionskrieg und der friede von Ryswick.

Dies war ber Anfang bes neuen achtjährigen Soalitionsfrieges, ben wir Charafter u. jum Theil icon in den fruberen Blattern tennen gelernt. Erog der überlegenen bes Rriege. Auzahl der Feinde behaupteten fich die Franzosen im Felde. An Erfahrung und Rriegekunft waren Feldherren und Gemeine den Gegnern überlegen, und mo es galt die Ehre und ben Ruhm der Nation zu erhöhen, wurden teine Anftrengungen und Opfer gescheut. Durch die Errichtung neuer Miligregimenter ju Fuß, wogu jede Pfarrgeineinde einen Dann ftellen, ausruften und unterhalten mußte, murde im Innern eine Bulfsmacht geschaffen, die jederzeit da verwendet werden konnte, wo die Sicherheit des Reiches fei es auf den Grenzen fei es an der Rufte bedrobt war. Der Rrieg mußte auf allen Seiten zugleich geführt werben; benn überall hatte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Stadte ober Landschaften an fich geriffen, Die nun guruderobert werden follten. Allenthalben wurde die Baffenehre behauptet; und wenn auch nicht glanzende Siege mit großen Erfolgen erfochten wurden, fo wahrten und mehrten die Frangofen doch ben bereits erworbenen Schat des triegerifchen Ruhmes. Defters erschien ber Ronig felbft im Felbe, um burch feine perfonliche Gegenwart den Muth und ben royaliftifchen Sinn der Soldaten zu beleben. Roch Sanden große Feldberren aus Turennes Schule, wie ber Maricall bon Luremburg, eben fo friegefundig und unternehmend, als genußsuchtig, rantevoll und fittenlos, wie der geistreiche und charattervolle Catinat, wie der geniale Bauban an ber Spige der Beere und maren bemuft die alten Lorbeeren durch neue gu bermehren. Der Orden des beil. Ludwig, der mabrend des Rrieges gegrundet

ward, diente als Sporn für militärische Auhmesthaten. Der Handtschaublat bes um Mein. Rrieges war im Aufang bas Abeinland, bon Roin bis in ben Breisgan. Es brachte ben Maingern wenig Bortheil, das die Rurfürsten meiftens gu Frankreich gehalten, baß Johann Philipp von Schönborn und fein tatholisch gewordener Minifter Boineburg früher in den Kampfen zwifchen den Sabeburgern und Bourbonen eine vermittelnde Friedenspartei zu bilden bestrebt waren, Die nur ben ehrsüchtigen Planen Ludwigs XIV. gebient; jest fab fich fein britter Rachfolger Anfelm Frang gur Flucht nach Erfurt genothigt, mahrend die Frangefen Befig von Maing und Bonn nahmen. Brandenburgifche und facifiche Truppen rudten por die Manern; aber erft nach mehrwöchiger bartnadiger Belagerung wurde bie Uebergabe biefer theinischen Gestungen erzwungen. Doch behaupteten bie frangofischen Geere ihre Bositionen in der Bfalg und am Oberrhein. Der Tod bes bochbejahrten Rurfürften Philipp Bilbelm, bei Gelegenheit eines Befuches

2. Sot. in ber Raiferstadt Bien, führte feine Menderung in ber Rriegslage herbei. Sein Sohn und Rachfolger Johann Bilbelm hielt an ber Politit des Baters feft, nur bag er noch eifriger ben Rathichlagen ber Jefuiten folgte und bie Fortpffamung ber alleinseliamachenden fatholischen Religion" für seine erfte Regierungsaufgabe In ben Rie hielt. Bon größerem Erfolg waren die Baffen Frankreichs in ben Rieberlanden berlanden begleitet, als der Ronig und Louvois es über fich gewannen, den erfahrenen

Marschall von Lugemburg, ber bei bem Monarchen nicht febr und noch weniobei bem Minifter in Gunft ftaub, an Die Spipe bes Beers gu ftellen. Diefer : ben Fürften von Balbed, welcher mit brandenburgifden, bannoberid hollandischen und spanischen Truppen die Gegend an der Maas und Dloj.

1. 3mil 1000, fest hielt, bei Flenrus an und brachte ihm durch eine eben fo geschicht ale :.. Strategie eine bedeutenbe Riederlage bei. "Die Rriegstundigen der fpateren Beite baben die Ruhnheit und Geschicklichkeit bewundert, mit welcher ber Maridul ben Rurften augleich in feiner gangen Fronte beschäftigte und in frinem linten Mugel umging". Bebn Tage nachber gewann auch Tourville in der Nabe ber Infel Bight die Seefchlacht über bie bollandifchenglifche Flotte, Die uns aus früheren Blattern befannt ift. Dennoch trat in ber Rriegslage faum eine Beranderung ein. Die Berlufte der Berbundeten murden burch frifche Berftarfungen fo fcnell ausgeglichen, bas der Marfchall von Augenburg weder vorzudringen noch eine neue Schlacht, wogu ibn ber Rurfurft von Brandenburg zu benregen fuchte, anzunehmen wagte.

Savohens Biemont.

Auch in den Alpengegenden behanpteten die Franzosen den alten Kriegeri. n. Bictor Amadeus II, von Biemont, obwohl mit den Bourbonen vertwaudt ... d burch bie überlieferte Bolitit feines Saufes an Frankreich gewiefen, mar europäischen Allianz gegen Ludwig XIV. beigetreten. Ein ehrgeiziger beziehm. Fürft, ber nach toniglichen Rang ftrebte, fühlte fich ber Bergag burch bie . : göftiche Uebermacht gebrudt. Die Garnisonen von Cafale und Binerolo an Grengen feines Landes hielten ibn in einer Art von Unterwürfigfeit; er :: ...

in Berfailles wie ein Bafall und Untergebener angeseben. Bie gang anders mar bie Behandlung, bie man ihm in Bien zu Theil werben ließ! Man gewährte ihm tonigliche Ehren und übertrug ihm einige Reicheleben; für feinen Beitritt zum Aricasbund wurden ibm von Bilbelm III. hollandische und englische Subfidien versprochen. Bietor Amabens wiberrief nun die Cbicte negen bie Balbenfer, gab ben beimtehrenden Erulanten ihre Befigungen gurud und nahm fogar fluchtige Sugenotten in fein Deer auf. Rarl von Schomberg, ber zweite Sohn bes Darschalls erhielt den Oberbefehl über die Bataillone der Reformirten, ein feuriget Refugie, beffen fehnlichster Bunfch es war, an den Berfolgern Rache zu nehmen. Er drang in die Dauphine vor und befette einige Orte. Aber die Thatigkeit und Bachsamkeit Catinats hinderte weitere Fortschritte. Durch den glangenden Sien bei der Abtei Staffarda, wo die ritterliche Tapferteit der Soldaten und die ftrate- 16. Ausgifche Runft bes Rubrers gufammenwirften, murben nicht nur bie beiben Fieftungen fichergestellt, sondern auch der größte Theil von Savopen bis Montmelian und Rigga für Frankreich in Befit genommen. Schabe nur, bag ber fonft bochbergige und edelmuthige Gelbherr gleichfalls ber verheerenden Rriegeraifon des Minifters Louvois feinen Arm lieb, wie die Generale in der Pfalz, bag auch er Brand und Blunderung über Ortichaften und Relber verhangte.

Auch im folgenden Sahr hatten die Franzosen das Uebergewicht. In ben Bortgang bes Rriege. Riederlanden wurde unter ben Augen des Ronigs und des Dauphin Die wichtige Festung Mons von Lugemburg und Bauban erobert, in den Phrenden Urgel ge. 8. Apr. 1691. nommen und Barcelona von ber Flotte aus beschoffen, in Savoyen ber Besig ausgebehnt. Der Lod Louvoi's, ber fo plöglich und fiberraschend eintrat, bag man foggr von Bergiftung sprach, brachte teine Aenderung in der Kriegspolitik berbor: 16. Juli Der Ronig fühlte feine tiefe Trauer über ben hingang eines Mannes, ber im Bertrauen auf feine Berbienfte nicht felten die Unterwürfigfeit und Dingebung gegen ben Monarchen und Madame be Maintenon vermiffen ließ, eine Gigenschaft, die man in Berfailles als erfte Tugend betrachtete, ber in ber letten Beit fo manchen Anlag zu erregten Scenen zwischen ihm und ben hoben Bauptern gegeben hatte. Der Ronig übertrug die Geichafte bem Coone bes Berftorbenen, bem Marquis de Barbeffeut, beffen ehrerbietiges Benehmen und geschmeibigere Manieren mehr gefielen als die mitunter eigenfinnige und widerspenftige Natur des Baters, er berief den gewandten Pomponne und ben Borfteber bes Finangrathes, Beauvilliers, einen wegen feines leutfeligen Charafters und feiner Sittlichkeit geachteten Mann, in bas Confeil und verdoppelte feine eigene Chatigteit und forgfaltige Theilnahme an bem Bang ber Ereigniffe. Ludwig felbst nahm an bem Belagerungefriege Theil, ber im nächsten Sommer die ftarte Reftung Nanur in die Bande der Krangofen lieferte, 1. 3uft 1692. und murbe barob von Boileau in einer ichwungvollen Dbe als Groberer verherrlicht. Bergebens hoffte Bilbelm III. nach bes Ronigs Rudtehr ben Berluft wieder auszugleichen; die Tauferteit ber Feinde und bas ftrategische Geschid des Marfchalls bon Luremburg in der Schlacht bei Steen terten ficherten Die Er- 3. 2449, 1692. oberung und hielten die Streitkräfte im Gleichgewicht. Auch am Oberrhein behauptete de Lorges das linke Ufer und machte mitunter Bersuche, auf das rechte überzuseten. Entscheidende Känupse sanden nicht statt, dagegen vereitelte Ende Masgang der Seeschlacht bei La Hogue, den wir früher kennen gelernt, die Hosel Bossung Ludwigs, seinen Schühling Jacob II. Stuart wieder auf den englischen Thron zurückzusühren. Der französische König suchte durch verdoppelte Anstrengungen zu Lande die Berluste zur See auszugleichen; mit einem weit überlegenen Heer rückte er selbst gegen Wilhelm III. ins Feld. Aber die Folgen entsprachen nicht dem Erwartungen: obwohl der Marschall von Luzemburg in

entsprachen nicht dem Erwartungen: obwohl der Marschall von Luzemburg in 29. Juli dem zwölfstündigen blutigen Kampfe bei dem Oorfe Reerwinden unweit Eirsemont seinen alten Kriegsruhm aufs Reue bewährte, die Berschanzungen der Feinde erstürente und ihre ganze Artillerie wegnahm, so machten doch die Franzosen keine namhaften Eroberungen: Ludwig war vor der Schlacht nach Bersailles zurückgekehrt; ein Theil des Heeres zog nach dem Mittelrhein ab; die Armee des Marschalls selbst war erschöpft durch anstrengende Märsche und manson. Sept. 1803. gelhafte Berpssegung. So blieb die Einnahme von Charleroi die einzige Frucht

des niederländischen Feldzugs.

3weite Bers Größer waren die Erfolge am Rhein, freilich weniger durch die Berdienste wästung der Bratz. der französischen Heersührer als durch die Unfähigkeit der Gegner und durch die Feigheit oder Berrätherei des Commandanten Heidersdorf, der in Heidelberg sein Hauptquartier genommen hatte. Die Stadt war wieder nothdürftig befestigt worden und Besahung und Bürger waren entschlossen, jeden feindlichen Angriss muthig zurückzuweisen, die Markgraf Ludwig von Baden mit Reichstruppen eintressen würde; aber durch die Ropflosigkeit und elende militärische Haltung des erwähnten Besehlshabers, eines kaiserlichen Feldmarschallieutenant, sielen Stadt

18. Mai und Schloß fast ohne Gegenwehr in die Sewalt der Franzosen, welche nun zum zweitenmal die unglücklichen Einwohner alle Schreden und Gräuel jener barbarischen Kriegsweise erleiden ließen; der seige Comandant wurde nach der schmache vollen Uebergabe des Schlosses durch triegsgerichtlichen Spruch für ehrlos erklärt und aus der Armee ausgestoßen; aber der bürgerliche Wohlstand des Landes war auf Menschenalter dahin. Die reformirte Kirche war saszlich aufgelöst, die Glieder des Oberkirchenraths weilten in der Fremde; unter Begünstigung der Franzosen nahmen die Ordensgeistlichen Besit von den kirchlichen Gütern und Gebäuden der protestantischen Einwohner. Der Hader zwischen Calvinisten und Lutheranern leistete ihrem gewalthätigen Treiben trefsliche Dienste.

Es sei gestattet, aus häusser's Geschichte ber rhein. Pfalz einige Stellen mitzutheilen, um einerseits die Leiden und Drangsale der Bevölkerung, andererseits die an die schlimmsten Borgäng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erinnernde Brutalität und Graussamkeit einer verwilderten Soldatesca erkennen zu lassen. "Zett holten die Truppen Ludwigs XIV. das nach, was sie 1689 noch unterlassen hatten. Rur einige Hundert der in der Stadt Burüdgebliebenen nahm man sich die Mühe, zu Gesangenen zu machen; die Uebrigen erlitten schmachvolle Mishandlung, am grausamsten versuhr man gegen

Bebrlofe und Schwache. Fünf Regimenter zogen plunbernd burch die Stadt; bas Morben ber Burger, bas Schanden ber Frauen, die ausgebachten Qualen ber Greife und Rinder murben von den Flammen beleuchtet, womit die Rampfer bes "allerchriftlichften" Ronigs die ungludliche Stadt jum zweiten Male beimgefucht hatten. Bas noch übrig blieb, trieb man in die heil. Beiftfriche; als die gefüllt mar, wie ein Pferch, und man am Altar mit den Sulflosen foredliche Dishandlung getrieben, ward auch die Rirche angegundet. An dem Beulen der Gingesperrten, über deren Ropfen die Gloden fcmolgen, der Thurm einzufturgen drohte, weideten fich die Mordbrenner behaglich; erft als der außerfte Moment der Lebensgefahr getommen war, ließ man die Armen beraus, um fie in einer andern Rirche weiteren Qualen preiszugeben. Stadt ftand indeffen in vollen glammen, die meiften Rirchen wurden berbrannt ober ftart beschäbigt, die Gebaude ber Univerfitat gingen gang ju Grunde und bon ben Privathaufern find nur wenige bom Feuer verfcont geblieben. - Alle Bewohner ohne Unterfcbied ber Religion wurden mißhandelt ober verjagt, die Mauern felbft bem Erd. boben gleich gemacht. Sogar die Graber ber Rurfürften fconte man nicht; felbft ber alte Ronig Ruprecht marb in feinen fterblichen Ueberreften aus ber beinahe breihundertjährigen Rube hervorgeriffen; auch Rarl Ludwigs Ahnung, daß sein Leichnam im Grabe nicht ficher fein wurde, fand jest ihre Erfüllung. Bis in den September lagen die Franzofen noch auf dem Schloß, um die Berftorung zu vollenden. Die Stadtmauern und die Schangen um die Stadt verschwanden spurlos, die Thore des Schloffes und die meiften Befestigungen wurden gesprengt, der Ottoheinrichsbau verbrannt und ein Theil ber Gewolbe entweder verfouttet oder durch Minen gerftort. Man gablte nach bem Abzug ber Feinde noch einige Dugend Bohnungen, die ber Berwüftung nicht unterlegen waren. In Paris lief Ludwig XIV. ein Tebeum feiern und eine Denkmunge mit ber verbrannten Stadt ichlagen, beren Inschrift: Rex dixit et factum est, Gottes Allmacht in lafterlicher Beise parodirte."

3m Jahre 1694 fiel es bein ericopften und bon Steuern gebrudten Frant. Die Jahre reich fcwer, fo viele Streitfrafte ins Feld ju ftellen, als es gegenüber ben gablreichen Feinden erforderlich war. Man mußte fich in erfter Linie auf die Bertheibigung ber Grenzen beschränten. Benn Catinat in bem savopischen Alvenlande fich behauptete, wenn ber Marschall von Roailles in bem Phrenäenlande ber elenden spanischen Armee einige Bortheile abgewann und im Laufe des Sommers Balamos, Gerona, Hoftalrich und bas Bergichloß Caftel-Foli einnahm; fo wurden dagegen die Landungsversuche ber englisch-hollandischen Flotte an ben Ruften ber Rormandie und Bretagne nur muhfam und mit manchen Berluften gurudgewiesen und in den Riederlanden und am Oberrhein trafen die erfahrenen und umfichtigen Anführer, Bilhelm von Oranien und Margraf Ludwig von Baben fo geschickte Unftalten, bag weber ber frangofische General be Lorges noch felbst der triegstundige Marschall von Lugemburg namhafte Erfolge zu erzielen bermochten. Einige Streifzuge nach Schwaben und Franken mit Brandschatzungen und Contributionen verbunden und einige militarische Bewegungen gegen Luttich und Lowen, um in fremden Landen Die jur Unterhaltung bes Beeres erforderlichen Bedürfniffe zu erpreffen, maren die einzigen Borbeeren bes Jahres. Mehr und mehr machten die Frangofen die Erfahrung, baß fie nicht

. Die legten Suytheynte ded 17. Duytyundette.

mehr die einzigen Meister in der Kriegskunft waren, das sowohl der Oranier als der Oberfeldherr der Reichsarmee Ludwig von Baden, der talentvolle Bögling des im Jahr 1690 verstorbenen Karl IV. von Lothringen, an strategischem Geschief wie an Uebung und Sicherheit in der Führung der Heere den französischen Generalen und Marschällen gewachsen waren, das der Krieg auch für den Feind

schied wie an Uebung und Sicherheit in ber Führung der heere ben frauzösischen Generalen und Marschällen gewachsen waren, daß der Arieg auch für den Feindeine Schule und Bildungskätte war. Riemand wurde von dieser Bahrnehmung mehr betroffen als der Marschall von Luzemburg, dem die Ueberlegenheit der

französischen Bassen hauptsächlich zu danken war. Er sprach es dem König offen 4. 3an. 1695. aus, ehe er im Ansang des folgenden Jahres aus der Welt ging. Sein Tad war für das französische Heer ein unersetzlicher Berlust. Bereits regte sich die Ahnung bei den Franzosen. "das die feindlichen Kräfte, die sie ausgeregt batten.

Ahnung bei den Franzosen, "daß die feindlichen Kräfte, die sie aufgeregt hatten, ihnen zu start fein würden". Luxemburgs Rachfolger im Commando der Rordarmee, der Marschall Villeroi, der seine glänzende Laufbahn weniger seinen Berbiensten, als der Gunst des Königs und der Frau von Maintenon verdankte,

diensten, als der Gunst des Königs und der Frau von Maintenon verdankte, war nicht der Mann, gegenüber dem Oranier und dem holländischen Feldherrn Coehorn, dem niederkändischen Rivalen von Bauban, das Held zu behaupten. Roch in demselben Sommer brachte Bilhelm III. Stadt und Sitadelle von Namur, die stolze Trophäe des früheren königlichen Feldzugs Ludwigs zur Just-Aug. Unterwerfung, und zugleich wurden von der See aus St. Malo und Dünkirchen

bardement heimgesucht wie ein Jahrzehnt früher die stolze Handelsstadt Genua.

Nothkande Mehr und mehr erlangten nun die Friedensgedanken in Berfailles die bie brud in Oberhand. Der Stand der Staatskasse, die selbst unter der Berwaltung des hochbegabten geistvollen Ministers Pontchartrain die Ariegskoften nicht länger zu bestreiten vermochte, und die durch die Hugenottenversolgungen herbeigeführte, durch den Krieg vermehrte Stockung der früher so blühenden Gewerbthätigkeit

beschoffen. Bur Bergeltung murbe Bruffel bon ben Frangofen burch ein Boms

bestreiten vermochte, und die durch die Hugenottenverfolgungen herbeigeführte, durch den Arieg vermehrte Stockung der früher so blühenden Gewerbthätigkeit und des Handelsverkehrs machten den Frieden für das erschöpfte Land nothe wendig. Die regelmäßigen Einnahmen, selbst wenn man sie durch Errichtung und Berkauf neuer Aemter, durch Steigerung der van den Städten und Provinsialständen zu leistenden Abgaben, durch Münzveränderungen und ähnliche Maßregeln zu mehren suchte, reichten für die Bedürsnisse nicht aus und vermochten

den Ausfall an den Bollerträgnissen nicht zu deden. Man mußte zu den royalistisch-patriotischen Gefühlen der höheren Stände seine Zuslucht nehmen, von der Geistlichkeit ansehnliche Donative begehren, den Abel und alle vermögenderen Familien zu einer Capitation beiziehen, die einer weitgreifenden Einkommensteuer gleich kam, man mußte Auleihen suchen. Roch war der Enthusiasmus für das

gleich kam, man mußte Anleihen suchen. Roch war ber Enthusiasmus für das Königthum, das dem Ruhm und Stolz der Nation eine so gebietende Stellung unter den europäischen Bölkern verliehen, stark genug, neue Hülfsmittel zu schassen: Der Klerus bewilligte zehn Millionen Livres, "da der Ruhm des Königk zugleich der Religion diene"; das Parlament genehmigte das Edikt, das die neue Bermögensumlage ausschrieb, wenn auch mit der Beschränkung auf den

gegenwärtigen Rrieg; bennoch gewann die Unficht, bas man burch Exmosigung ber Anforderungen eine Bacification ermöglichen muffe, immer mehr Boden.

Sollte aber ber flolge Monarch in Berfailles, wie die Berbundeten ber Briebenslangten, auf bie Friedensichluffe von Beftfalen und Ahmwegen gurudgeben, Strafburg und Luxemburg berausgeben, Die Reunionen verwerfen? Sollte er feinen verhauteften Gegner Bilbehn von Dranien als Ronig von England anerfennen und feinen Schutbefohlenen und Glaubensverwandten, ben Stuart Sacob II. fallen laffen? Dagu tonnte fich Ludwig nicht verfteben: bas Bochfte was man von ihm erwarten durfte, war eine Ermäßigung der Orleansschen Ansprüche auf die Pfalz und einige Bugeftandniffe, die man als Erfat für Strafburg und Luremburg ansehen mochte. Auf Grund biefer Bafis versuchte ber Samedentonig Rarl XI. eine Bermittelung: allein bas Anerbieten eines Staats. der bon feiner ebemaligen Bobe und Machtstellung bedeutend herabgefliegen war und an ben friegerischen und palitischen Borgangen ber lepten Sabre fo wenig Theil genommen, legte auf feiner Seite ein großes Gewicht in Die Baggidale. In Berfailles tannte man aber die Mittel und Bege, burch diplomatifche Lunfte ben Baffengang zu unterftugen. Der alterprobten Taftit getreu luchte bie frangoniche Regierung auch biesmal wieder einzelne Mitglieder ber Alliang burch Separatvertrage ju geminnen, um baburch auf die übrigen einen Drud ju üben.

Bundoft gelang ber Plan bei bem Bergog von Squopen-Piernont. Bictor Biemont für Umabeud II. batte aus feinem habsburgifchen Bundnig wenig Gewinn und Brantreld. noch weniger Rubm babongetragen. Die Sugenotten in ber Provence und Dauphine, Die er gum Aufftand wider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und junt Ann ichlus am feine aus verschiedenartigen Glementen gebildete Armee zu bewegen fuchte, batten wenig Bertrauen zu einem Rurften und zu einer Donaftie, die fich bon jeher burch tatholifden Religiouseifer bervorgethan, die andersglaubigen Bemohner ber Albenthaler fo graufam bedrangt batten. Sein Berfuch, Die Reftung Binerolo in feine Gewalt zu bringen, war burch Catinats Sieg bei bem Dorfe Marfoglia unweit Moncaglieri vereitelt worden. Seine Rriegsluft fowand mehr 4. Dtt. 1803. und mehr habin, er fing an ju überlegen, ob er nicht burch einen rechtzeitigen Uebertritt au Frankreich mehr erlangen konnte als mit ben Baffen: failles tam man bem alten Bundesgenoffen, ber von bem Bfade politischer Berirrung reuevoll zu bem naturgemäßen Bundnig zurudzukehren wünschte, freundlich eninegen. Und nun tam ber Blan bes Abfalls raich jur Ausführung. Rachdem Bictor Amadeus bei Belegenheit einer Pilgerfahrt nach Loreto unter Bermittelung bes Bapftes fich beimlich mit ber Regierung in Berfailles verftandigt, trat er von ber großen Allianz jurud und ichloß mit Ludwig ben Bertrag von Turin. Er Ang. 1606. wurde reichlich für feinen Abfall belohnt. Um die Truppen, die bisher gegen die Biemontesen und die mit ihnen verbundenen Baldenfer und Sugenotten die fudöftlichen Grenzgehiete batten vertheidigen muffen, frei zu bekommen und in den

Riederlanden und in Catalonien berwenden zu tonnen, trat der Berfailler Monarch die beiden Reftungen ab. die man in Krankreich als Schluffel zu Italiens betrachtet hatte. Er überließ bem Bergog querft Cafale, icheinbar gebrangt burch eine Belagerung, und raumte bann Pinerolo, auf beffen Erwerbung einft Richelieu so hohen Berth gelegt. Die Bermählung einer Prinzessin von Savoyen mit bem Bergog von Bourgogne Ludwigs Entel, befestigte ben Bund zwischen beiben "Es ift ein bochft feltenes Beispiel in ber Geschichte, bag ein fleiner Berr mit großen zusammenspielte, und boch am Ende bes Spiels einen betracht. lichen Gewinn machte". 3m nachften Sahrhundert follte bem Bergog eine abnliche Politit noch glanzendere Früchte eintragen.

Ginleitung

Als Catinat mit den freigewordenen Truppen die Beere, die unter Billeroi beneverhande und Boufflers in ben Riederlanden ftanden, verftartte, waren die frangofischen Streitfrafte ben Berbundeten überlegen. Dennoch lag es nicht in der Absicht Ludwigs XIV., die Entscheidung einer Felbschlacht zu suchen; die Einnahme ber Festung Ath war die einzige Rriegsthat; er wollte nur gegenüber feinem Sauptfeinde Bilhelm III. und bem hollanbifchen Staatsmann Beinfins, ber bem befreundeten Ronig-Statthalter hulfreich jur Seite ftand, eine imponirende Stellung behaupten, um ihn und die Republit zum Frieden geneigt zu machen. Den Gebanten an eine Restauration des Stuart in England mußte man auf. geben, seit in Folge des gescheiterten Mordversuchs wider Oranien (S. 573.) die englische Ration burch eine Affociation fich aufs Innigfte mit der Berfon ihres Ronigs verbunden batte. Sollte der Friede, nach welchem fich beide Theile sehnten, nicht ins Ungewiffe hinausgezogen werden, so mußte man auf eine Ausgleichung ber wichtigften Streitpuntte bedacht fein. Bu bem Ende waren bereits Bevollmächtigte von allen friegführenben Machten in Delft und Saag eingetroffen. Auch Schweben, beffen Bermittelung man boch fcließlich angenommen hatte, war durch den Baron von Lilienroth vertreten. Er war in schwarzer Aleidung, weil König Rarl XI. um diefelbe Beit gestorben war, und nahm feine Bohnung in bem iconen oranischen Luftschlof bei bem Dorfe Apswick, zwischen Diefes prachtvolle Landhaus inmitten eines Barts voll den beiben Städten. herrlicher Baumpflanzungen wurde bann auch zum Schauplat ber biplomatifden Berhandlungen gewählt, die endlich, ohne daß unterdeffen die Baffen ganglich geruht hatten, zu einem friedlichen Ausgleich führten, ba Ludwig XIV. fich diesmal viel genügsamer zeigte als fruber.

Der Friebe

Bir haben schon mehrere Bestimmungen ber in den ftrengften Formen ber 300 Rysmid gener Lage abgehaltenen Friedensconferenzen von Rysmid tennen gelernt: Bon bem pprenäischen Frieden wurde Abstand genommen, ba bas obnmächtige Spanien zu wenig geleistet hatte und noch mahrend ber Unterhandlungen in Apswid der General Bendome die Seeftadt Barcelona gur Uebergabe gwang; man war zufrieden, daß Ludwig von ben fpanischen Eroberungen außer ber Infel St. Domingo nur eine Angahl Orte behielt, auf die er ein Recht gu haben

behauptete, weil fie in frühere Abtretungen einbegriffen waren, die Erwerbungen in Catalonien aber und die Festung Luxemburg herauszugeben fich bereit erklarte. Ilm fo fefter glaubten die Berbundeten, insbesondere ber Raifer, die deutschen Reichsfürsten und Ronig Bilbelm III. auf ber Ginhaltung bes westfälischen und nomweger Friedens besteben zu muffen. Allein auch dieser Standpuntt tonnte nicht eingehalten werden: da England tein besonderes Intereffe fur bas Gleichgewichtsprinzip zeigte, überhaupt sich mit Biberftreben in die continentale Rriegspolitik einmischte, die Generalstaaten aber mehr Berth auf den vortheilhaften handelsvertrag legten, den ihnen der frangöfische Monarch in Aussicht stellte, als auf die Rudgabe ber Reunionen; fo mußten ber Raifer und feine Berbundeten bon dem Gedanken einer Reftitution Strafburge und der übrigen Städte im Elfaß an bas Reich absteben, wollten fie nicht erleben, bag bie Seemachte fich durch Separatvertrage von ihnen trennten, wie einst die Hollander in Rymmegen. Und als es, wie wir gefeben haben, ber frangofische Ronig über fich gewann, ben Dranier, wenn gleich in einer Form, welche die widerstrebende Burudhaltung verrieth, als Ronig von England anzuerkennen, mas blieb ba für ben Raifer und die deutschen Fürsten anders übrig als ben Elfaß mit ber wichtigen Rheinstadt in ben Banden Ludwigs XIV. ju laffen, ben Cardinal von Fürstenberg wieber in feine Buter und Rechte einzuseten und ihm und feinen Bermandten und Anhangern volle Amnestie zu ertheilen? Dan mußte gufrieden fein, baß Ludwig als Erfat die Städte Freiburg und Breifach an bas Saus Defterreich, Philippsburg und alles, was die Franzofen außerhalb des Elfaß eingenommen, an das Reich zuruderftattete, Die Territorien bes Bergogthums 3weibruden ben früheren Befigern einraumte und in die Biedereinsetzung bes Bergogs Leopold, des Sohnes von Rarl IV. in Lothringen willigte. Der neue Fürst vermählte fich mit einer Nichte Ludwigs, ber Tochter Philipps von Orleans und der Pfalzer "Lifelotte" und wußte fich mit Alugheit und Borficht unter ichwierigen Berhaltniffen gegen die frangofische Landergier bis zu seinem Tod († 1729) zu behaupten. Unter welchen Bedingungen Leopolds Sohn und Rachfolger Franz Stephan bas Land feiner Bater abtrat, werben wir fpater erfahren.

Und noch in der letten Stunde mußte Deutschland fich in Roswick eine weitere Die Ros-Demuthigung gefallen laffen. In das Friedensinstrument wurde eine Rlaufel einge- Clanfel. schaltet, wonach in allen protestantischen Ortschaften, welche die Franzosen mabrend des Krieges vorübergebend oder dauernd befeffen, der tatholifche Cultus geduldet werden follte. Bergebens wiberfesten fich die evangelifchen Stande biefer "bem Reiche obtrudirten Ryswider Claufel"; bon ben Berbundeten berlaffen, bon bem Saufe Defterreich verrathen und gurudgeftoßen, mußten fie, wie einft ber Branbenburger in Rymmegen, bon ihren gerechten Unfpruchen abstehen. Bie hatten fie allein bem waffenstarten Frankreich, das mit der Erneuerung des Krieges drohte, widerstehen konnen? So wurde denn bas Friedensinstrument mit der berhangnifvollen Claufel unterzeichnet und damit eine Leibensgeschichte für die Protestanten ber Pfalz geschaffen. Bo nur irgend einmal ein Feldprediger Deffe gelefen, da follte fortan der Ratholicismus ju Recht befteben. Als von protestantischer Seite lebhaft die Berftellung der früheren Richtszuftande in

den jurudzugebenden Landichaften verlangt wurde, gab der Konig gur Antwort : "wem ihnen fo viel an ihrer Religion liege, fo wolle auch er feinerfeits beweifen, daß ihm die feine über Alles gehe." Bon einer Berftellung des Chitts von Rantes und einer Rud. tehr der ausgewanderten Sugenotten durfte vollends nicht die Rede fein. Bir wiffen, wie wenig Wilhelm III. für die Glaubensverwandten, die doch fo wefentlich zu feinen Erfolgen in England und Irland beigetragen, zu thun im Stande war.

Bebeutung bes Friebens.

Um 20. September wurden die Friedenstractate amischen Frankreich und 20. Car ben Seemachten und Spanien und seche Bochen spater mit bem Raifer und ben 30. Dn. Reichsständen unterzeichnet. Aber man hatte bas Gefühl, daß in Ryswid nur ein Baffenstillstand geschloffen fei. Sing benn nicht die "große Frage" ber fpanie schen Erbfolge wie eine schwere Gewitterwolke am politischen himmel Europas? Absichtlich hatten die Franzosen jede Berührung des peinlichen Gegenstandes vermieden und fich gegen Spanien besonders guvorkommend und nachgiebig bewiesen, um den Madrider Bof von Desterreich zu trennen und für die eigenen Die Friedenspause, die durch bas Ryswider Abtommen Blane zu gewinnen. geschaffen wurde, gewährte ber frangofischen Diplomatic bie nothige Muße, um jenseits ber Phrenaen die Intereffen des Berfailler Bofes nachdrucklich jur Beltung zu bringen.

## V. Der Norden und Nordoften Europas.

Befchichteliteratur: 1. Allgemeines und Brandenburg-Preußen: Bebiegene gleichgeitige Gefchichtswerke über die vorliegende Beriode find bie Arbeiten Samuel Bufen dorfe, De rebus gestis Frid. Wilh. magni electoris commentariorum libri 19, Lips. et Berol. 1733; De rebus a Carolo Gustavo rege Sueciae gestis comment. L. 7 Norimb. 1696 und De rebus gestis Frid. III. Berol. 1695. Das archivalische Material ift neuer bings gesammelt in : Urtunden und Aftenstäde jur Geschichte bes Aurf. Friedr. Bilb. von Brandenburg, herausg. bon B. Erdmannsborffer, Berlin 1864 ff. - Reuere Bearbei tungen find: v. Orlich, Gefch. bes preußischen Staats im 17. Jahrh., Berlin 1836 f fr. Forfter, Friedr. Bilfr. ber gr. Rurf. und feine Beit. Berl. 1855, und in erfter Linte bie öfters ermahnten Berte von Stengel (Gefd. bes preuß. Staats) und Dropfen (Gefd. ber preuß. Politit), fowie Rante, Reun Buchet preuß. Gefc. Berl. 1847 f. und Geneft des preuß. Staates, 4 Budger preuß. Gefc., Leipz. 1874. - Cherty, Gefch. des preuß Staats. Brestan 1867-70. 7 voll. 8. - Reuere Monographien: D. v. Ganbange Beranlaffung und Gefch. bes Rrieges in ber Mart Br. tm 3. 1675, Berl. 1834. B. R. Stubt. Gefch. ber See- und Colonialmacht bes gr. Rurf. Bed. 1839. S. Erbmannsbarffer, Gref Gg. Fr. von Balbed. Berl. 1869. O. Beter, ber Rrieg bet gr. Rurf. gegen Frankrich Balle 1870. Drenfen, bie Schlacht von Barfden. Spig. 1863. u. a. 28. - 2. Comeben. Außer ber VIII, 432 genannten Geftigigte Schwebens von E. G. Geljer, fortgef bon Carifon, bas miere Wert bon gr. Rubs, Gefc. Schwebens in ber Allgem. Beit historie und auch befonders Galle 1808-14. Argenholtz. Me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Christime. Amsterd. 1752. 4 voll. Much bentich Berl. 1751—60. Qualblad, Gefc. bes Ronigs Rari X. Guftab aus bem Schweb. Bed. 1826. — Granert Chriftine R. von Schweben und ihr Gof. Benn 1838, 42. 2 voll. - 3. Danemart: Q. r. Polberg, banifche Reichshiftorie. 8 well. 4. Fleneb. und Leipzg. 1757. - Gebbarbi

Gefch. ber Konigr. Danemart und Rorw. in ber Dalle'fden Allg. Belthift. und and feparat Salle 1768 f. - C. g. Allen, Gefch, des Ronigr. Danemart. Aus bem Dan. nach ber 3. Ausg. von Sald. Riel 1846. — Spittler, Gefc. der banifchen Revolut. im 3. 1660. Berl. 1796. Cammil. 28. V. - Philippi, Gefc, von Danemart. Dreeb. 1831. -4. Polen: Zaluski, epistolae hist. familiares. 5 voll. Fol. Vratial. 1709. -Coyer, bist. de Jean Sobiesky, roi de Pol. Paris 1761. 3 voll. 12. Deutfa Leipsig 1762. 8. - Salvandy, hist. du roi Jean Sob. et du royaume de Pol. Par. 1863. 2. Rdit. - Joach. Belewel, Gefc. Polene. Deutsche Ueberf. Leipzg. 1846. - 5. Sache fen: Ehr. E. Beiße, Gefch. ber durfachf. Staaten. V. Leipzg. 1808. - Bottiger, Gefch. des Lurftaats und Ronige. Sachfen. Gotha 1831. - 6. Rufland: Bu ben VIII. 6. 594 aufgeführten allgemeinen Gefchichtswerten über Rubland von Emers, herrmann, Uftrialow find beigufugen; Blomaisty, Rurngefaßte Gefchichte bes ruffifden Reichs. Deutsch von Abelb. b. Fabricius. Reval 1867. - Theob. b. Bernhardi, Gefc. Ruslands und ber europäischen Bolitit. Bb. II. 1.2. in: Staatengefd, ber neueften Beit. Bb. 21. Leipg. 1875. - Ferner folgende Specialfdriften: (Bebere) Berandertes Aufland, in welchem die jehige Berfaffung des geift. und weltlichen Regiments a. f. w. in einem bis 1720 gehenden Bournal dargestellt find. Frantf. 1721. 39. 2 voll. 4. mit Fortsehung. Danneb. 1840. -Alex. Gordon's hist. of Peter the great. Aberd. 1755. 2 voll. 8. Much Dentifo. Leips. 1765. — Basville, précis histor. sur la vie et les exploits de Fr. Lefort. Ed. 2. Lausanne 1786. 8. - Moris Poffelt, ber General und Abmiral Franz Lefort. Sein Leben und seine Beit. Frankf. a. M. 1866. 2 voll. 8. - Voltaire, hist. de l'Empire de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Auch Deutsch v. Busting. Frants. und Leipz. 1761. — Leben Beter b. Gr. von G. M. v. Salem. Münfter und Beipg, 1803 f. - Derr. mann, Rufland unter Beter b. Gr. Leipg. 1872.

# 1. Der brandenburgisch-preußische Staat unter dem großen Aursürsten und König Friedrich I.

#### 1. Die Lage vor und nach dem weftfällichen Frieden. Innere Landesverwaltung.

Wir haben im eisten Band dieses Werks (S. 1036 ff.) die Geschichte des Michelms brandenburglich-preußischen Staats dis zu dem Beitpunkt versolgt, da Friedrich Ingend. geb. Wilhelms Dilhelms, nachmals der "große Aurstürst" genannt, die Zügel der Regierung in 180. Vedr. Weinem tiefzerrütteten Lande übernahm und an die Aufgabe herantrat, durch die gewaltigsten europäischen Umwälzungen und Berwicklungen das Schifflein des kleinen, vielfach zerrissenen Staates zu steuern. Der Aursiust war dei des Baters Tode erst zwanzig Jahre alt, allein die schweren Beiten, die Schickfalsschiläge, die in jenen Tägen über die Menschelt himfuhren, reisten die Jünglinge früh zu Männern und bildeten seste und ernste Raturen. Bei dem jungen Aurprinzen Friedrich Wischelm war auch von Ansang an die Sinnessert auf tüchtige Aebeit, auf Exwerdung vielsetiger Lemanisse, auf eine verständige und eble Lebensauffassung und eifrige Pflichterfüllung gerichtet, Anlagen, die der erste Erzieher des Anaben, Romisian Kalkun, genannt Leuchtmar, mit trener Gorge ausbildete. Politische und Familieuzerwürsnisse Leuchtmar, mit trener Gorge ausbildete.

Georg Bilbelm und ftorten die Sintracht ber fürftlichen Familie. Der allmäch: tige Minister Schwarzenberg, ber ergebene Diener habsburgs, lag in bitterfier Feindschaft mit den "fürftlichen Frauenzimmern" und im Saffe gegen biefen Gunftling und feine Bolitit wuchs ber Anabe beran. Dazu tamen die Schred niffe des Arieges, die fich in ber unmittelbarften Rabe abspielten, und die Roth des armen Landes, das mitunter ben fürftlichen Lebensunterhalt nicht bestreiten fonnte, lauter Einbrude, die einen ernften und ftrengen Sinn erzeugen mußten.

Als frühreifer Jüngling bezog Friedrich Bilbelm die Univerfitat Lepden und hielt dann einen kleinen hof in Arnheim, von wo er in unmittelbare Berührung mit den benachbarten elevischen Ständen trat. Das Begehren berfelben, den Prinzen gum Statthalter ju empfangen, nahm jedoch der Rurfurft fehr ungnadig auf, als ob man feiner überdruffig fei. Der mehrjährige Aufenthalt in den Riederlanden war für das gange Leben Friedrich Bilbelms bon Cinflus. Dort blubten Ruuft und Biffenfchaften. Sandel und Gewerbe, und eine freie fraftige Staatbleitung waltete über Solland. Beld ein Gegenfas zu dem wirren wuften Ereiben im deutschen Reich, und wie mußten bief: Sindrude auf das empfängliche Gemuth eines hochbegabten Junglings wirken! Unter den Augen des Statthalters Friedrich Beinrich bon Dranien, der an dem aufgeweckter Reffen Gefallen fand, nahm er an den triegerifden und politischen Borgangen Theil; die Tochter des Oraniers, Louise henriette, wurde nachmals (1646) des Kurfürften Sattin, nachdem fich eine Reihe anderer Cheprojecte, mit einer phalzischen, einer öffer reicisschen Bringesfin und namentlich mit ber Königin Christine von Schweben, an welch letteren Plan fich gewaltige politische Combinationen knupften, zerschlagen hatten. Die Aurfürftin war eine treffliche Frau bon hoben Geiftesgaben, die ihr felbft bei Staats angelegenheiten einen wohlthatigen Ginfluß erwarben, und bon einer eblen Menfchen freundlichfeit, die fich in vielen milben Stiftungen und Berten ber Barmberzigkeit tund. gab. In den Jahren seines hollandischen Aufenthalts, unter den großen Berhaltniffen und Intereffen der dortigen Politif erwarb Friedrich Bilbelm jenen umfaffenden, weiten Blid, jene tuhne faatsmannifde Beltanfdauung, die bon ber lleinlichen deutschen Fürstenart so gewaltig abstach. "In den deutschen Landen", fagt Dropfen, "bor Allen auch an dem hofe feines Baters lebte man in einem Dunfitreis reichspatriotifcher Phrasen, verworrener Rechtstheorien, firchlicher Berbitterungen, in bem Die nachften und einfachsten Aufgaben alles staatlichen Lebens mehr und mehr verdunkelt wurden und bem Blid entfowanden. Bie anders erschien von den Riederlanden aus beobachtet bas Befen des Reichs, die spanifch-ofterreichische Politik, der vielgepriefene Sifa Schwedens für das Evangelium, Frankerichs für die Libertat. Hier lernte der junge Fürft die beimischen Dinge in ihrem europäischen Busammenhang, in ihrem pragmatifchen Berth feben". Dit fcwerem Bergen folgte endlich Friedrich Bilbelm bem vaterlichen Rufe und verließ bas Land, wo er fich fo beimifch gefühlt. Die Dishbelligkeiten mit dem Bater und deffen leitendem Staatsmann borten auch nach feiner Rudtebr nicht auf; der Bring fürchtete von den Ranten Schwarzenbergs fogar für fein Leben; eine heftige Krankheit, in die er verfiel, forieb er felbft, wenn auch ficherlich mit Unrecht. dem Gifte bei einem Gastmahl des Ministers zu, dem er den Blan gutraute, fich felbft oder feinen Sohn jum herrn des Landes ju machen.

Regierungs: autritt 1640.

Als nach bes Baters Tob (1. Dezbr. 1640) der junge Aurfürst zur Rele ber vers gierung gelangte, traf er die schwierigsten Berhaltniffe an: Die halbe Mart und beith. Bren- die Grenzen waren mit fcmebifchen Truppen angefüllt, die brandenburgifchen Soldnerhaufen maren im bochften Grad verwildert und zuchtlos, die Feftungs. commandanten meift den taiferlichen Intereffen ergeben, das Land bis gur Berzweiflung ausgesogen und verarmt; von ftaatlicher Ordnung und landesberrlichem Regiment tonnte gar nicht mehr bie Rede fein. Das Bergogthum Preußen, bas bom Rriege giemlich verschont geblieben mar und die Mittel gur Biederaufrichtung ber fnrfürftlichen Dacht geboten batte, ftand, wie wir wiffen, unter polnischer Lehnshoheit, und bei jedem Regierungswechsel mußte die Erneuerung des Baffallenverhaltniffes mit laftigen und beschamenden Bedingungen ertauft werden. Die Clevischen Lande waren noch lange Jahre von den Seffen und ben Sollandern befest. Die Bildung eines fleinen zuverlaffigen heeres und ber Abichluß des Baffenstillstandes mit Schweden (XI, 998) waren die ersten Maßregeln, welche ber Rurfürst ergriff, um einigermaßen Ordnung ju ichaffen und der schwierigen Berhaltniffe Berr ju werden. Die unbotmäßigen Regimenter wurden aufgeloft; die tropigen, habsburgisch gefinnten Oberften und Festungs. commandanten, die zugleich bem Raifer und bem Rurfürsten geschworen, die Rracht, Golbader, Rochow flohen außer Landes nach Bien. Ginige neugeworbene Regimenter, taum mehr als 3000 Mann ftart, auf die fich ber Rurfürft unbedingt verlaffen tonnte, bildeten die Grundlage und ben Rern des nachmals jo maffengewaltigen ftebenben Beeres in Brandenburg. Ronrad von Burgeborf leistete dem Rurfürsten bei diefer militarischen Organisation die besten Dienste und wurde bafur reich mit triegerischen und höfischen Burden und Memtern ausgeftattet.

Schwarzenberg, den der Kurfürst Ansangs in seiner gebietenden Stellung zu schonen Schwarzensgenötigt war, wurde jest bei Seite geschoben und starb bald, (März 1641) erschüttert Burgsborf. von dem großen Bechsel des Geschicks. Auch Burgsborf, der eine Beitlang die Leitung der Staatsgeschäfte und den Borsis im Geheimen Rath führte, wurde bald beseitigt, um würdigeren Personen Plaz zu machen. "Ausgewachsen in dem wilden Treibe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vereinigte Burgsborf mit Böllerei und Spielsucht sinnlichen Uebermuth, Eigenstnn und einen seltsamen Anspruch auf höhere Eingebungen. Der Sache seines Fürsten unbedingt ergeben, legte er eine gewisse Tüchtigkeit, sie zu sühren, an den Tag; aber er ließ doch in der Berwaltung der inneren Geschäfte eine Unordnung ohne Gleichen einreißen und in den äußeren verletzte er Freund und Feind".

Richt minder schwierig als in der Mark waren die Berhältnisse im Herzog- Breusen. thum Preußen: die landesherrliche Gewalt war völlig überwuchert durch die Ansprüche und Forderungen der Stände, und diese, Abel und Städte, waren wieder in heftigster Parteiung unter einander; das Bassallenverhältniß zu Polen gab dieser Krone fortwährend Anlaß, sich in die innern Streitigkeiten des Landes zu mischen; von Hingebung an den Landesherrn oder gar an eine Gesammtstaatsidee und von Opferwilligkeit hierfür konnte keine Rede sein. Unter drückenden und beschämenden Bedingungen wurde endlich die polnische Belehnung vollzogen, nachdem sich der Kurfürst persönlich zur Huldigung nach Warschau 177. Oft. degeben.

Er verfprach, über die Seftungen Billau und Memel nur folche Befehlshaber ju fegen, die dem Ronig genehm feien, verpflichtete fich, einen jährlichen Eribut ju zahlen, mit teinem Feinde der Republid einen Reutralitätsvertrag ju foließen, die Appellationen von preußischen an polnische Berichte ju geftatten; die Reformirten follten von öffentlichen Meintern ausgefchloffen fein, die Ratholiten der freiften Religionsubung genießen u. f. w.

Der Staat beim Abs Unter Friedrich Bilhelms fluger und fefter Politit athmete bas brandenidlus bes burgifche Land in den letten Jahren des großen Rriegs einigermaßen auf, und meftfal. Briebens bei den westfälischen Friedensverhandlungen konnte der Aurfürst, der in dem wirren diplomatischen Treiben eine außerordentliche Gewandtheit, Babigkit und List an den Tag legte, ein entscheidendes Bort in die Bagschale werfen. Bir fennen bas Ergebniß b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für Brandenburg (XI, 1015); seinen Lieblingegedanten, die Erwerbung Pommerns, an bem er mit größter Sartnädigfeit feftgehalten, erreichte der Rurfurft boch nur gur Balfte. lich nicht unbetrachtlich vergrößert, war der Staat tropdem in einer feltfamen und unbequemen Lage. Rur die hinterpommerfchen Erwerbungen, Magdeburg und Salberftadt ichloffen fich unmittelbar an bas brandenburgifche Rernland an: im Often war die Berbindung mit Preugen burch ein weites polnisches Gebiet unterbrochen; im Beften glichen bie Clevischen Lande einer abgelegenen Infel und ein anderes gang vereinzeltes Gebiet mar Minden an der Befer. Und alle biefe Gebietstheile batten die verschiedenartigften Berfaffungen und staatsrechtlichen Berhaltniffe und ftanden fich fremd und eiferfüchtig gegenüber; bom Gefühl ber Bufammengeborigfeit, bon einem gemeinfamen ftaatlichen Bewußtfein war unter biefen mannichfaltigen Bolteelementen feine Spur. Die Bujammenfaffung biefer fproden, widerftrebenden Theile zu einem festen Staatsorganismus, Die

Reue Bers widlungen

Rach bem Kriege vergingen noch mehrere Jahre, ehr bie Berhandlungen mit um bie Schweden aber die Biehung der Grenzen und über finanzielle Abmachungen zu dem Builder Stettiner Bertrage filhrten und die letten ichmedischen Truppen bas brandenburgifche April 1658. Bebiet raumten. Der Rurfürft mußte fich jur Abtretung ansehnlicher Landstriche auf bem rechten Oderufer und gur Uebernahme bes größten Theile ber pommerifchen Landesfould verfteben. Much im Beften gaben die ungeloften Streitfragen bes weftfalifden Friedens alsbald zu neuen friegerifden Berwidelungen Unlag. Benige Jahre nach dem Frieden brachen die alten Streitigkeiten mit Pfalg-Reuburg um die Julider Erbicaft aufs Reue aus (XI. 1016). Die früheren Cheilungsverträge waren immer nur augenblickliche Paufen in dem Rampf; Brandenburg betrachtete fich ftets als ben rechtmäßigen herrn des gangen Landes und glaubte fich durch die Theilung beeintrachtigt; die religiosen Angelegenheiten fachten die Flamine des Unfriedens ftets von Reuem an. 3m pfalgifoen Theile wurden die Evangelifden wider Bertrag und Recht gedrudt, misbandelt und in ihrer Religionsubung behindert; man verfucte, das im weftfalifden Frieden feftgesette Kormaljahr auch hier zur Durchführung zu bringen, was Brandenburg in diesen noch nicht befinitiv getrennten Landschaften für unguläffig hielt. Bur Bergeltung ver-

Bereinigung lofer Landerstreden zu einem politischen Ganzen, mar die bobe und schwierige Aufgabe, Die eines flaren und fraftigen Geiftes, eines genialen Blide und einer festen Sand bedurfte. Der Rurfürft war ber Mann, in ber entschei-

bungsvollen Stunde feinen Beruf voll und gang gu verfteben.

suhr der sonst sehr tolerante Aursucht ebenso gegen die Ratholiken im Clevischen; General Spare siel dann plöglich in das Bergische ein, besetzte mehrere seste Pläge, erhob Inni 1651. die Steuern, nahm die landeskürstlichen Rechte für seinen Herrn in Anspruch und erstärte in dessen Annacken die mit Reuburg geschlossenen Berträge nicht mehr anzuerkennen. Es hatte bereits den Anschen, als sollte der kaum beendete entsehliche Religionskrieg wieder ausbrechen. Reuburg klagte bei Kaiser und Reich über den Friedensbruch und seinte sich zur Gegenwehr; schon kam es zu einer Reihe von Scsechten. Unter kaisersicher Bermittelung wurde jedoch der drohende Sturm noch einmal beigelegt, die Schlichtung Ott. 1851. der Aeligionsstreitigkeiten Schiedsrichtern übertragen und der Zustand vor Ausbruch der Feindseligkeiten hergestellt. Die Spannung blieb freilich bestehen und ein ehrlicher dausernder Friedensschlich kam damals noch nicht zu Stande. Allein wichtigere Angelegensheiten und entschlongsvollere Kämpse nahmen bald des Kurfürsten ganze Khätigkeit und Sorge in Anspruch.

Erst im folgenden Jahrzehnt, als die großen Weltereignisse im Westen und die Bewerbung des Pfalzgrafen von Reuburg um den pplnischen Thrau eine engere Berbindung beider Theile wünschenswerth machten, tam ein endgültiger Bergleich zu Stande, der Cleve, Mart 19. Sept. und Ravensberg dem Aurfürsten, Berg und Jülich dem Pfalzgrafen zusprach, das Directorium des westfälischen Areises beiden Theilen gemeinschaftlich anwies und eine ewige Erdverbrüderung sessigeste. Das Berhältnis der beiden Fürsten war von da an ein aufrichtig freundschaftliches; die Erdverbrüderung aber führte noch im folgenden Jahrhundert zu ernsten Auseinandersehungen zwischen Kurhaus Brandenburg und den pfälzischen Seitenlinien.

Es war nach dem Frieden des Aurfürsten ernfieste Sorge, aus dem Ruin des dreis Kriegswefen. sigjahrigen Rrieges fein Land nach Rraften zu erheben, die Refte flaatlicher Ordnung jufammengufaffen, gu beleben, auszubilden. Es bedurfte ber bingebendften Arbeit und eines weiten und großen Blids für bie Erforderniffe eines fraftigen und gefunden Staatswefens. In jenen eifernen Beiten, ba jedes Jahr neue Rriegsgefahren drohien, war bor Allem ein zuverläffiges, genbies und gabireiches Deer eine Lebensbedingung. Das mittelalterliche Lehnsaufgebot ber Ritterfcaft mar ebenfo unbrauchbar wie bie ungeordneten und unerfahrenen ftabtifden und landlichen Milizen; wir feben überall bie Einrichtung ber fiebenden Geere, der "geworbenen Ancchte", in immer weiterer Entwidlung begriffen. Der Aurfurk lies fich die Berftartung und friegstuchtige Musbildung feiner Baffenmacht ganz besonders angelegen fein; im Jahre 1655 tonnte er fcon 26,000 Mann umb 72 Gefdute ins Reib ftellen, im fowedifden Rriege fogar gegen 40,000, bie allerbings in rubigeren Beiten theilweife wieder entlaffen wurden. Bwei in organifatotilder und Aratealider binfict gleich bemabrte Manner fanden ibm bierbei gur Geite: der Generalfeldmarfchall Otto Chriftoph von Sparr, und der aus fowedischen in brandenburgifche Dienfte getretene Georg Derfflinger, ein Rriegsmann von unbefaunter Bertunft, nieberfter Abftammung und geringfter Bilbung (nach einer weitverbreiteten Ergablung foll er in Defterreich geboren, in feiner Jugend Schneibergefelle gewefen fein und unter bem Grafen Thurn im bobmifden Rriege guerft Golbatenbienfte geleiftet haben ; unter Baner und Torftensfon finden wir ihn im fdwebifden Beere, feit 1655 im brandenburgifchen, wo er bald ben Rang eines Generalfeldzeugmeifters und Beldmarfchalls erlangte und in ben Reichsfreiherrnftand erhoben murde). Das Befoldungs- und Berpffegungewefen ber Truppen murbe geregelt, die Bemaffnung und Ausruftung verbeffert, bie Seftungen hergestellt, die Mannszucht eingeschärft, ein formlides Rriegsrecht erlaffen.

Um die Mittel für das heerwesen, ben hofhalt und die Staatsverwaltung zu be- Steuerwesen. ihaffen, wurde das Finang- und Steuerwesen des Landes revidirt und geordnet, und im ber Mart.

Sahr 1667 ftatt der unerschwinglichen directen "Contribution", die auf den Grundftuden und Saufern laftete, den martifchen Stadten die Erhebung einer indirecten Berbrauchssteuer (Accise) gestattet, eine aus Holland übernommene Besteuerungsform, die fich für die damalige Beit außerordentlich bewährte und den Druck erleichterte; die Ritterschaft aber widerstrebte diefer Steuer und behielt die alten Abgaben bei. ben letten Jahren des Aurfürsten wurden die Staatseinkunfte bis auf etwa 21/2 Mill. Thaler gesteigert, wovon fast die Salfte für die Unterhaltung des Beeres verwendet Die Opposition der martischen Stande gegen den boben Steuerbrud nahm immer mehr ab. Die eigenmächtige felbftberrliche Art ber Landesfürften jener Beit bob fich überall über die morschen und verwitterten ständischen Institute hinweg; das alte privilegirte Rorporationswesen entsprach langft nicht mehr ben Bedurfniffen eines fortgeschrittenen Staats- und Bollslebens. Es war nicht etwa eine fraftige politische Enis widlung, die bon bem aufftrebenden fürftlichen Absolutismus gertreten worben ware, fondern aus eigener Berfduldung und einem natürlichen Gefes jufolge fiel diefe morfche Frucht überall zu Boden. Gin Glud mar es, wenn, wie in Brandenburg, die forantenlose landesherrliche Gewalt an einen gurften überging, ber fur bas Bobl und die Große feines Staates und Bolles Berftandnis und Singebung hatte.

Der Webeime

Friedrich Bilhelm hatte die Sabe, mit ficherem Blid die geeigneten Manner Rath. Der Stiedlin an ben richtigen Blat ju ftellen; in seinem Geheimen Rath, einer Graf von auszumählen und an ben richtigen Plat ju ftellen; in seinem Geheimen Rath, einer Centralbeborbe für die innere Landesverwaltung wie für die auswärtigen Angelegenbeiten, auch für gewiffe Juftiglachen, waren tuchtige und patriotische Manner, wie Otto von Schwerin, der erfte Minifter und höchfte Landesbeamte, und der Graf Georg Briedrich von Balbed, jugleich Staatsmann und geloberr, der aus bollandischen in turfürftliche Dienfte getreten war, "einer ber Manner, in welchen bas Gefühl ber Selbständigkeit, das fich in Brandenburg regte, querft ju energischem Bewußtsein tam." In den großen Fragen der Reichspolitit tam bei dem Grafen von Baldeck jum erftenmal die Idee einer preußisch-deutschen Union, wie spater in dem Fürftenbund Friedricht bes Großen, jum Durchbruch. Seine Reformplane jur Reichsberfaffung und feine Ideen bon einem Fürstenbund unter brandenburgifch-preußischer Borberricaft führten freilich, wie fo mande andere Entwurfe, nicht zu positiven Resultaten, find aber ein Dentmal seiner politischen Ginsicht. seines staatsmännischen Geistes und seines patriotischen Sinnes. Rachdem der Graf im fcwebifd-polnifden Rriege gute Dienfte geleiftet, gab er balb barauf, burch feine berrifche Art in mancherlei Mighelligkeiten verwidelt, feine brandenburgifde Bestallung auf (Mai 1658) und nahm ein hohes fcwedifches Rriegsamt an, was ihm mit Recht febr verdacht wurde, benn neue Rampfe mit Brandenburg ftanden vor der Thur. Es tam jedoch in der Folge eine außerliche Berfohnung mit dem Rurfürften zu Stande; fpater finden wir Balded im Türkentrieg des Jahres 1685 mieder; 1692 ift er gestorben.

Fürforge für

Die Seele ber Regierung blieb immer der Rurfurft felbst, ber fur alle Breige der und Sanbel. Berwaltung ein offenes Muge hatte. Es galt junachft, die burch ben Rrieg arg gefdabigte materielle Cultur des Landes zu heben. Der Rurfürft forgte dafür, das die Domanen, bie fich in dem traurigften Buftande der Berfcleuderung, Bermahrlofung und Diswirthfcaft befanden, ausgeloft ober eingezogen, ordentlich verpachtet und betrieben wurden und einen höheren Ertrag einbrachten. Er munterte jum Anbau ber zahlreichen wuften Stellen der Mart auf, jog fleißige und geschidte Colonisten ins Land, untersuchte und befferte nach Rraften die Berhaltniffe des Aderbaues und der Biehaucht. Cbenfo ließ er dem Gewerbe, der Fabrication, dem Sandel alle Forderung zu Theil werden. 3m 3ahr 1685, als in Frankreich die religiofen Berfolgungen mutheten, jog er über 7000 Sugenotten nach Berlin, eine tüchtige induftrielle Rolonie, die fich bis auf den heutigen Sag erhalten bat. Gine

für damalige verhaltnismäßig vorzügliche Pofteinrichtung verband bald die weit ausein= ander liegenden brandenburgifden Gebietstheile; der neuangelegte Ariedrich Bilbelmscangl vermittelte den Bertehr der Oder mit der Spree und Elbe. Bom Seehandel freilich, deffen bobe Bebeutung' für ben Boblftand eines Landes er in Solland tennen gelernt haben mochte, war der Rurfürft fo gut wie ausgeschloffen; sein Antheil von Bommern enthielt feinen einzigen werthvollen Safenplay; Stettin und die freie Schifffahrt auf der Oder in seinen Befit ju bekommen mar ibm trot ber angestrengteften Bemubungen und verschiedener Laufdantrage nicht möglich gewesen; Schweden, Danen, Bolen waren die Berren ber Offfee; der Rurfürst war fich deffen wohl bewußt und trug es mit fcmerem Dlismuth. Die Begrundung einer brandenburgifden Seemacht, die Beforderung des transmarinen Sandels war bis an fein Lebensende eines feiner hauptsächlichsten Anliegen, wenn gleich die Ungunft der geographischen Lage dauernde Erfolge verbot. Durch einen hollandischen Raufmann, Benjamin Raule, ben er jum Oberdirector bes Seewesens ernannte, ließ er eine Angabl Ariegsfregatten bauen, die nicht nur bei den militarischen Operationen gute Dienfte leifteten, fondern auch die Sandelsintereffen fcusten. Selbst an die fpanische Blotte wagten fich die brandenburgifchen Rriegsschiffe, um eine alte Subfidienforderung einzutreiben, und man erftaunte in der gangen Belt nicht wenig über bas plogliche Auftreten einer porber gang unbefannten Seemacht. Dabei war der Aurfürft bemubt, überfeeifche Colonien zu erwerben. 3m Jahr 1682 errichtete er eine afritanische Bandelscompagnie, nachdem er von einigen Regerhauptlingen in Guinea die Anerkennung feiner Oberherricaft und bas Berfprechen erhalten hatte, nur mit brandenburgifden Schiffen Sandel ju treiben. Der Major von der Groben wurde mit zwei Schiffen und einer Rompagnie Salbaten nach Africa gefandt (1683), pflanzte an der Goldfufte die brandenburgifche Sahne auf und errichtete einige Forts mit Garnisonen; eine Gefandticaft diefer Regerreiche tam fogar nach Berlin und erneuerte bie Bertrage. Das abenteuerliche Unternehmen batte freilich teinen bauernden Erfolg, zeugt aber bon bem fühnen Geift und weiten Gesichtstreis des Rurfürsten. Die ferne Colonie wurde unter König Friedrich Bilbelm I. an die Bollander vertauft, die von Anfang an alle möglichen Beindseligfeiten bagegen geübt batten.

Ueber ben materiellen Gutern bes Lebens murben aber auch die idealen nicht ver- Beforberung geffen: auch die Biffenfchaften und Runfte erfreuten fich ber Fürforge bes einfichtigen und Biffen-Fürsten. Die Universitat Frantfurt wurde aus dem Buftand tiefen Berfalls ju neuer faften. Bluthe erwedt, auch das ganglich darniederliegende untere Schulmefen hob fich unter der Gunft und Pflege des Landesherrn. Aus den Riederlanden murden Maler, Bild. bauer, Stempelfcneider in die turfürftlichen Dienfte gezogen und entfalteten ihre Runftfertigleit in der von den Rufen bis dabin menig befuchten Rart; bollandifche Baumeifter und Bimmerleute maren bemubt, bas unansehnliche Berlin, jur Beit bes meftfalifden Friedens eine Stadt von noch nicht 10,000 Einwohnern, einigermaßen in Stand ju feben, wie es die Burde ber Refidens und die Brachtliebe bes Aurfürsten beanspruchte. Der phantaftifche Blan einer "Univerfal-Univerfitat", ben der fcmebifche Reichstath Bengt Stytte entworfen, tam freilich nicht zur Ausführung, zeugte aber bon der hohen Begeisterung des Rurfürsten für freie Geistesbildung. In einer Stadt ber Mart follte eine Gelehrtenrepublit von Rannern ber Runft und Biffenschaft aller Rationen und Blaubensbekenntniffe errichtet werden, wo in völliger politischer und religiofer Freiheit nur der Dienft der Mufen gepflegt murde. Die Bereicherung der Berliner Bibliothet ließ er fich zeitlebens angelegen fein und begunftigte Runftler und Gelehrte aller Art; um feine und feines Saufes Geschichte auf die Rachwelt ju bringen, ftellte er eigene Bofhistoriographen an, wie Schootius und den Frangosen Rocoles, auch der Italiener

Gregorio Leti hatte fich für feine ichmeichelnde und oberflächliche Gefchichte bes Saufes Branbenburg ber turfürftlichen Gunft zu erfreuen.

Rirdlides.

Eine wohlthuende Erfcheinung in jener Beit bes engherzigften Ronfesfionshaffes und ber widerwartigften dogmatischen Streitigkeiten ift auch der aufgeklarte und bulbfame Sinn des Aurfürsten in religiöfer hinficht. Baren ja doch die brandenburgifden Fürfien als reformirte herren lutherischer Lander von felbft auf eine weitherzige Auffaffung confeffioneller Dinge angewiesen. Für viele um des Glaubens willen Berfolgte maren die brandenburgifch-preußischen Lande eine Buffuchtsftatte und ber Rurfurft fchutte fie tros des Eiferns der rechtglaubigen Briefter. Selbft die vielvertegerten aus Polen vertriebenen Socinianer wurden thatfachlich in Breußen geduldet, und wegen ihres ftillen, ehrbaren, fleißigen Bandels geschät, wenn gleich der Lurfürft dem Berlangen der Stande nachzugeben und offiziell ein Berbot gegen fie zu erlaffen gerathen fand. Das Läftern und Schmaben ber reformirten und lutherifden Geiftlichen gegen einander, das Berfluchen und Berleumden des entgegengesetten Betenninifics von den Rangeln berab mar ihm ein Grauel und er ließ es fich nach Rraften angelegen fein, die Ausbruche bet geiftlichen Fanatismus zu verbieten und zu beftrafen; den Besuch der Univerfitat Bittenberg, wo damals eine maßlose lutherische Orthodogie gelehrt wurde, verbot er allen feinen Unterthanen. Als ein fcones Biel erfchien ibm ftets die gangliche ober bod möglichst weitgehende Bereinigung der beiden protestantischen Betenntniffe; aber die Beloten jener Beit brandmartten alle Berfuche gur Friedensftiftung als "Syntretismus" und gottlofe Religionsmengeret. Die Religionsgefprache, die er anordnete, führten ju teiner innerlichen Ginigung, boch hielt des Rurfürften ftrenges Bort Die geiftlichen 18. Sept. Ciferer einigermaßen in Schranken. Gine turfürftliche Berordnung, welche das gegenfeitige Schmaben und Berlaftern bon ben Rangeln verbot, bor abfurden und boshaften Confequenzen aus ben Lehren ber Segner warnte, ben Streit über die Gnabenwahl insbefondere unterfagte, die Laufe ohne Erorcismus gestattete, wurde allen Pfarrern bet Mart jur Unterschrift vorgelegt, erregte aber unter ber lutherifden Geiftichteit laute Rlagen über Gewiffenszwang und Glaubensdrud. Gleichwohl unterzeichneten die meiften ben Revers aus Furcht ihr Amt zu verlieren. Einzelne, Die es aus Gemiffensbedenten weigerten, wie der geiftliche Liederdichter Baul Gerhard und der fanatifche Archidiaco. nus Reinhardt in Berlin, wurden wirflich ihres Amtes entfest, ein Schritt, ber bem Aurfürsten, trotdem er fich alle Rube gab ben berühmten Rirchendichter zu halten, und bald auch den 3mang der Reverse aufhob, fehr verdacht wurde. - In die Beit der katholifden Conversionen mabrend der letten Regierungsjahre des großen Rurfurften fallt auch die Abfaffung der "Lehnin'ichen Beisfagung" über das Baus Bobenzollern und bie Mart Brandenburg, Buniche eines ultramontanen Gemuthes als Prophezeiungen ausgesprochen, aus der Bergangenheit die Butunft deutend. Die neuefte forfchung alaubt in bem bisber unbefannten Berfaffer nicht einen Mond des dreizehnten Sabrhunderts, sondern ben im Jahr 1668 jum Katholicismus übergetretenen und nach Brag ausgewanderten Berliner Confistorialrath Andreas Fromm zu finden.

#### 2 Die nordischen Kriege der fünfziger Jahre.

#### a. Der polnifde Rrieg.

Musbruch bes Mit Rarl X. Guftab von Pfalge 3weibruden, ber mit Leib und Seele dem Ariegs. Baffenhandwert ergeben war, schlug Schweden die einige Jahre unterbrochene friegerische Bahn wieder ein und erfüllte bald aufs Reue ben Rorben mit

Schlachtenlarm und Blutvergießen. Die schwedische Rriegeluft war durch die langen Rampfe in Deutschland nicht erschöpft; bas fleine grine Land genügte nicht bem Drange biefes aufftrebenden Boltes und ber pfalzische Ronig bachte feine junge Krone am beften burch neuen Kriegsruhm, neue Beute und Eroberung zu fichern. Da bot fich ibm ein günftiges Weld in Bolen. Der Baffenftillftand von Stuhmeborf (XI, 979) hatte ben langen Saber zwischen ben beiden Nationen nur zeitweilig zur Rube gebracht und mehrmals war man auch unter der Regierung Chriftinens unmittelbar bor bem Bieberansbruch ber Reind. feliafeiten geftanden. Ronia Johann Cafimir, ber lette Basa auf bem polnischen Thron, weigerte dem neuen schwedischen Ronig die Anerkennung, sei es weil er wirklich burch ben Uebergang ber Rrone an ein anberes Saus feine Erb. rechte verlett glaubte, fei es weil er burch Erneuerung feiner Ansbruche eine bobe Abfindung erlangen au tonnen hoffte. Rarl X. aber war diefer Unlag nur erwunscht, feiner und feines Bolles Rriegeluft genug au thun und unter einer ehrenvollen Kabne einen neuen Eroberungegug angutreten; ber ichwache Ronig Johann Cafimir und bas parteizerriffene polnifche Reich schienen tein allzu gefährlicher Gegner, zumal bie Rofaden und Ruffen gleichzeitig mit Bolen im Rrieg lagen.

68 galt bem Schweden bor Allem, ben Rurfurften von Brandenburg in fein Friedrich Intereffe gu gieben, und Friedrich Bilhelm zeigte bei ben Unterhandlungen über ein Galtung. Bundniß die gange Gewandtheit und Berfchlagenheit, die ibn als Meifter des diplomatifchen Rankefpiels in gang Europa berühmt machte. Mit Schweden tonnte die brandenburgifde Politit nur unter fdwerer Ueberwindung Sand in Sand geben; ber Berluft ber befferen Salfte Bommerns verfchmerzte fich nicht leicht und fortmahrende Grengftreitigkeiten fteigerten die Spannung. Auf der andern Seite aber wintte dem Rurfürften als lodender Breis bes fowebifden Bundniffes die Befreiung von der polnifden Lehns-Freilich tonnten die durch neue Siege berauschten Schweben unter einem träftigen eroberungsluftigen Ronig für Brandenburg noch weit gefährlicher werden als das in ftartem Rudgang begriffene polnifche Reich. Bar boch die traditionelle fcmedifche Bolittt auf die Berrichaft der gefammten Oftfeetuften gerichtet; fie murde nach der Riederwerfung Bolens fcmerlich vor ben turfürftlichen Grengen Rille gestanden haben. Diese Erwägungen und Befürchtungen burchtreuzten ben Geift Friedrich Bilhelms und ließen ibm am gerathenften erscheinen, die weitere Entwidlung der Dinge abzuwarten, eine borfichtige Saltung amifchen ben beiben Machten einzunehmen und folieflich bie Entscheidung fo gut wie möglich ju seinem Bortheil auszunuten. Die Unterhandlungen mit dem Schwedentonig hielt er burch die mannichfachften Ausfüchte und übertriebene Entschädigungsanspruche bin und ließ fich ju gleicher Beit bon Bolen um feine Bermittelung angeben.

Che noch ber Rurfürst aus seiner Burudhaltung berausgetreten war, brach Unterwerber schwedische Feldmarschall Wittenberg von Stettin auf und zog burch bas brandenburgifche Gebiet gegen Großpolen. Fast ohne Biderstand unterwarf 3uli 1855. sich das Land; ein starkes polnisches Abelsheer unter den Palatinen Opalinski und Grufineti hatte fich an ber Repe gelagert, ergab fich aber ohne Schwertftreich und überlieferte die Balatinate Bosen und Ralisch dem schwedischen Schute.

Der Roniges Durch ben unerwartet rafchen Siegesjug bes Schwedentonigs gerieth ber Rurberger Bertrag. fürft von Brandenburg in nicht geringe Berlegenheit; er ftimmte jest feine Forderungen wesentlich berab, aber auch Rarl Guftav feine Anerbietungen. Die Unterhandlungen wurden ichliehlich gang abgebrochen; ber Rurfürft betrieb feine Ruftungen mit größter Anstrengung, rudte in bas polnifche Preugen ein und bewog die dortigen Stande, fic mit ihm gur Landesbertheidigung ju berbunden; in Grofpolen, Litthauen, Mafobien zeigte man Reigung, fich unter brandenburgifdem Schus von der fcmebifden Berricaft loszumachen. Um der Befahr im Ruden zu begegnen, wandte fich der Schwebentonig ebenfalls in das polnifche Breugen und begann die Feindseligfeiten gegen die Branden-Nov. Deebr. burger. Die Stadte Thorn, Elbing u. a. ergaben fich nach der Reihe der überlegenen fowedischen Beeresmacht; nur Danzig leiftete traftigen und erfolgreichen Biderftand. Die brandenburgischen Truppen wichen überall zurud; bald überschritt der rasche Decbr. Schwedenkonig die Grenze des herzoglichen Preußens und ftand in den letten Tagen bes Jahres wenige Stunden vor Ronigsberg. Der Rurfürst hatte fich verrechnet und mußte jest eine Uebereintunft foliegen, die gegen feine früheren Forderungen ungunftig 17. 3an. genug abstach. In bem Ronigsberger Bertrag ertannte er für das Bergogthum Breußen die fcmedifche Lehnsherrlichteit an, verpflichtete fich, den Schweden 1500

Mann zu ftellen, freien Durchzug, ben Gebrauch der Seehafen und einen Antheil an ben Seezöllen zu gestatten, bas polnische Breugen vollständig zu raumen; dafür erhielt

er das Bisthum Ermland als fcwebifches Lehn, die Raumung feines Gebiets und Bergicht auf die früher an Polen geleistete Jahressumme.

Rarl X. ftand auf dem Gipfel feiner Große, aber der Boden wantte unter Stellung bes seinen Fußen. Rirgends hatten die Schweben eine feste Stute, auch nicht an Ronige gu ihrem neuen Baffallen, bem Aurfürsten, der nothgedrungen den Bertrag einge- Macten. gangen mar. Roch unzuberlaffigere Bundesgenoffen maren bie Ruffen, Die fich durch die schwedischen Siege in ihren eigenen Eroberungen gehemmt saben; schon tam es awischen beiden in Litthauen au Reindseligkeiten. Bon ben entfernteren Machten waren gang befonders Solland und der Raifer der aufftrebenden fcmedischen Macht gram. Die Frucht ber schwedischen Siege konnte nur die vollständige Befigergreifung der Oftfee fein; vom Oftfeehandel aber jog Holland ein viertel feiner Einfunfte und die Republit tonnte baber bem Bestreben, jenes Meer zu einem ichwedischen Binnensee zu machen, nur mit größter Beforgniß zusehen; die Generalstaaten ermunterten alle Feinde Schwedens zum Widerstand und fandten felbst Schiffe aus, um die Reindseligkeiten zu eröffnen. Der Bund Schwedens mit England, dem Rivalen Sollands im See- und Sandelsverkehr, brachte nicht viel prattische Bortheile. Auf ber andern Seite blidte ber Raiser mit Beforgniß und Distrauen auf die schwedischen Fortschritte; mußte man doch fürchten. Rarl X. werde den deutschen Eroberungszug Gustav Adolfs erneuern, noch festeren Tuß im Reiche faffen und bas protestantische Uebergewicht verftarten; ber alte Saß gegen die Macht, welche die habsburgifchen Beltherrichaftsplane bor Rurgem zu Fall gebracht, regte fich aufs Reue. Auch der Ronig bon Danemart, ber einen Anfall bon ichwedischer Seite langst befürchtete und fortwährend vor Augen fah, machte ftarte Ruftungen. Rurg, es gab Feinde ringsum.

Bie mit einem Bauberfolage waren die fdwedischen Baffen bon Sieg zu Die Erber Sieg geeist. Aber in Polen erholte man fich, als Ronig Rarl nordwarts gezogen, tens. 1656. ebenso rafch von dem lahmenden Schreden. Bei dem Abel, der in seiner Selbstjucht, Erschlaffung und Parteileibenschaft ben Schweden teinen Biderstand entgegengesett, ja mit Ronig Rarl conspiratorische Unterhandlungen geführt hatte, fehrte boch die Scham ein, daß man bas große Reich einer folchen Sandvoll fremder Soldaten preisgegeben, und zudem laftete ber schwedische Druck schwer auf dem Lande. Die Aufreizungen der tatholischen Geiftlichkeit entflammten bas gläubige Bolt gegen ben protestantischen Ronig. Es gab fich noch einmal ein nationaler Aufschwung fund. Gine Anzahl Magnaten, unter Führung ber Palatine Stanislaus Potodi und Lantoransti fchloffen eine Confoderation gu Tystiewicz und forderten ben in Schleffen weilenden Ronig auf, in ihrer Mitte 7. Jan. 1656. zu erscheinen. Bald war auf ben Ruf bes hohen Abels ber Aufftand in Polen und Litthauen allgemein; die polnischen Regimenter, welche fich unter die Fahne bes Eroberers gestellt, fielen ab; die Erfolge ber schwedischen Baffen ichienen ebenso rafch gerronnen, wie fie erfochten waren. Bergeblich maren die Ber-

## 606. E. Die legten Sahrzehnte beg 17. Sahrhunderts.

sprechungen bes Schwedenkönigs, jeden Bauer, ber einen aufständischen Ebelmann tobt oder lebendig einliefern wurde, von der Leibeigenschaft befreien und mit der Rugniegung der erledigten Abelsguter beleihen zu wollen.

Karl X. war jedoch nicht der Mann, vor einer plötslichen Sefahr zu verzagen. Alsbald rückte er wieder in das herz von Polen vor, unter fortwährenden Kämpfen mit Vebr. 1858. den heerhausen der Ausständischen. Bei Golomb wurde der tapfere Szarnecki geschlagen. In bitterer Winterkalte, unter unerhörten Mühseligkeiten drangen die Schweden noch einmal die Jaroslaw vor. Allein täglich verstärkte sich die Uebermacht, mit der die polnisischen Feldherrn Szarnecki, Koniecpolski, Ludomirski n. a. das kleine schwedische Heer zu erdrücken drohten. Einer offenen Schacht wichen die Polen aus, indem sie es der Roth des Landes, den Beschwerden in den unwegsamen Gegenden, dem Hunger und dem fortgesetzen kleinen Bandenkrieg überließen, die Feinde auszureiben. Karl X.

den Litthauern des Fürsten Sapieha fortwährend beunruhigt. Awischen den Flüssen Beichsel und San eingeschlossen, gerieth das schwedische Heer in große Gesahr und mußte sich durch eine außerordentlich kühne Dhat, den Uebergang über den Fluß auf einer nur zur hälfte vollendeten Brücke, mit nur drei Booten, unter den Augen des April. Feindes, den Weg nach der Hauptstadt bahnen. In demselben Monat noch erlitt Czarnecki eine neue Niederlage bei Gnesen.

Bertrag von Allein die Schweben waren durch die letzten Ereignisse doch furchtbar geRariendurg. lichtet worden und vermochten kaum mehr, sich in dem seindlichen Lande aufrechtzuhalten. Eine engere Berbindung mit Brandenburg schien die einzige Rettung. Der König begab sich jest selbst wieder nach Preußen, theils um die Belagerung von Danzig frästiger zu betreiben, theils um die Berhandlungen mit Brandenburg abzuschließen. Der Kurfürst, der den Königsberger Bertrag schwenzlich empfand, gerieth aufs Reue ins Schwenken und überlegte, auf welcher Seite sein Interesse am besten gewahrt sei. Am liebsten wäre er parteilos geblieben, wenigstens so lange, dis sich die Entscheidung absehen ließ; er wollte keinen der beiden Nivalen auf Kosten des andern allzu mächtig werden lassen. Die Reutralität war aber nicht möglich, und Polen schon jest auf den Kurfürsten wegen seiner bisherigen Haltung außerordentlich erbittert. Als daher Karl X. in seiner gefährlichen Lage den Kurfürsten bestürznte, eine bewassnete Alliam einzugehen, und ihm reichen Lohn nach der Riederwerfung des polnischen Reiches

25. Juni versprach, kam endlich der Bund von Marienburg zu Stande. Der Auriebe. fürst verpflichtete sich, 4000 Mann zu dem König stoßen zu lassen; bafür wurden ihm als Ersah der Ariegskosten vier großpolnische Palatinate (Posen, Kalisch u. a.) mit voller Landeshoheit zugesagt und der Lehnsvertrag in einzelnen Punkten erleichtert.

Schlacht bei Benige Tage nach dem Abschluß dieses Bertrags mußten die Schweden Barican.

1. Juli. nach tapferster Bertheidigung die Stadt Warschau räumen. Hier gag sich nun die Entscheidung zusammen. Bei der Mundung des Bug in die Weichsel vereinigte sich der Aurfürst mit dem schwedischen Heer; unter ihm besehligte der Graf Georg Friedrich von Walded die Reiterei, der Generalseldzeugmeister von Spare

bas Fußvolf und Gefchus. Das brandenburgifche Beer twar weit größer als ausbedungen : mit ben Schweben vereinigt mochte es 25,000, bas polnifche mit ben litthauischen Ernpven unter Sonfieweti 40,000 Mann gablen. Ufern der Beichsel in unmittelbarer Rabe ber Sauptftadt Barfcau entspann fich nun eine gewaltige dreitägige Schlacht, die mit der völligen Niederlage und 28-30. Juli wirren Flucht des polnischen Seeres endete. Die gabe Tapferkeit ber Schweben und Brandenburger und die geschickten taktischen Anordnungen entschieden bas Schidfal bes Tages. Ohne Biberftand konnten Die Sieger in Barfchau einziehen und fich an ber reichen Beute erholen.

Allein gur weiteren Berfolgung des Sieges, jur iconungelofen Riederwerfung Der Sieg bei Bolins wollte der Aurfarft die Sand nicht bieten; er farchtete von der fcmedifchen bleibt ohne Ucbermacht für seine eigene Sicherbeit und wollte fic die Aussehnung mit Bolen nicht grucht. ganglich abschneiden; ein gewiffes Gleichgewicht der beiden Machte berguftellen ober gu erhalten, war ftets bas Biel feiner Bolitit. Er fuchte jest ben Frieden ju vermitteln, trennte fein Beer bon dem fowebifden und tehrte nach Preugen gurud, wo der Ginfall litthauischer und tatarischer Schwarme und ihr grauenhaftes Buthen feine Anwesenheit dringend erforderte. Das brachte Rarl X. um die befte Frucht feines Sieges. Das polnifche heer erholte fich bald wieder von der Riederlage; der Adel confoderirte fich aufs Reue; da und bort erlitten die Schweden Bertufte und ihre Lage in dem feindlichen Lande wurde mit jedem Tag fdwieriger. Bom Raifer, bon holland tam Aufmunterung gum weiteren Rrieg und Bufage von Unterftugung; das Berhaltniß gu Rußland nahm eine für Someden febr bedrohliche Bendung; Die frangofifche Friedensvermittelung murde trot aller Riederlagen bon ben Bolen gurudgewiefen, bebor bie Schweben alle Croberungen geräumt batten; Danemart ruftete langft jum Rriege. Ronig Johann Rafimir tonnte wieder in Barfchan einziehen und erschien bald in Dangig, das die gange Beit über von einer hollandifchen Flotte unterftust, trop gutlicher Autrage und feindlicher Berfuche freu bei Bolen ausgehalten hatte; am Lyd wurde eine brandenburgifch-fcwedifche Oftbr. Truppenabtheilung unter dem Grafen von Balded von einem großen litthauischen Seere unter Bonfiemeti gefclagen.

In diefer gefahrvollen Lage fab fich Rart X. genothigt, die weitgebenoften Bertrag von Anforderungen bes Rurfürsten zu befriedigen, um ihn bei dem Bundniß festzuhalten. Es tam jest ber Bertrag von Labiau zu Stande, der ben Ronigs. 20. Rov. berger Lehnsvertrag aufhob und den Aurfürsten und seine mannlichen Rachtommen als souverane Bergoge von Preugen anerkannte, mogegen biefer ben Schweben feinen Beiftand gur Behauptung Befipreußens ficherte und fich ihnen gur gemeinfamen Bertheidigung ihrer Lander verbindlich machte. Allein auch jest murde der Aurfürft tein zuverläffiger Bundesgenoffe, begann vielinehr alsbald, in der Ueberzeugung, bag ber Schwedenkanig fich gegen bie bon berschiebenen Seiten beraufziehenden Gefahren boch nicht werde behaupten konnen, mit Polen gu unterhandeln.

Um diefe Beit gelang es dem diplomatisch und militarisch gleich gewandten Ronig Der Felbjug Rarl X., ben Fürften bon Siebenburgen, Georg Ratocap, ber nach ber Rrone ber Ratocab. Jagellonen oder doch wenigstens einem Stud des Landes luftern mar, und den Betman ber Rosaten zu einem Deereszug gegen Polen zu bewegen, wahrend gleichzeitig Raifer 3an. 1667.

Ferdinand III., dem die polnische Thronfolge für einen jungeren Prinzen seines Sauses 1. Deebr. in Ausficht geftellt mar, ein Soug- und Trugbundniß mit Johann Rafimir abicolog und die Berfohnung mit Brandenburg eifrig betrieb. Der Feldzug des unfahigen Siebenburgere, der fich eine mubelofe Befigergreifung des Landes verfprochen, hatte wenig Erfolg. Sein Beer, wohl 60,000 Mann ftart, beftand aus buntgemifchten Schaaren, Ungam, Rosaten, Balachen u. a., und war ohne alle Disciplin und Ariegstüchtigkeit. Swar Dai 1657. gelang die Bereinigung mit Konig Rarl und die Eroberung ber wichtigen Festung Brzeft; allein dann ging der gange Feldzug in nuglofe und aufreibende Mariche über. Bu dem tam jest die Rachricht, daß die Danen die Feindseligkeiten gegen die deutschen Befigungen Schwedens eröffnet hatten, und rief ben Ronig Rarl auf einen andern Rriegsschauplas. Er ließ jedoch einen Theil seines heeres unter General Stenbod bei dem Siebenburger, der Juni. mit diefer Bulfe auf turze Beit Barfcau noch einmal befeste. Allein feit dem Abzug bes · Schwedenkönigs fühlte fich Ratoczy rathlos und verlaffen, und als nun auch die Defterreicher in Bolen einbrachen, gab er alles Bertrauen auf; fein Beer lief faft auseinander und war jum Rriege gar nicht ju gebrauchen; er folgte den Rofaten nach Bolhynien und ging, bon diefen zweifelhaften Bundesgenoffen im Stich gelaffen, in ber außerften Bedrangnis einen foimpflicen und nachtheiligen Frieden mit den Bolen ein; an Chr und Macht geschwächt, tehrte er bann in sein Land gurud (S. 438).

Bertrag von Bu dem Abzug des siebenbürgischen Fürsten trug das Auftreten eines neuen Weindes, der Desterreicher unter Montecuccoli und Hasseld, auf dem polnischen Rriegsschauplat wesentlich bei. Die Raiserlichen erzwangen die Uebergabe von Aug. 1657. Krakau von dem schwedischen Commandanten Würz, der die entlegene Stadt so lange tapfer gehütet; allein gegen die österreichische Hilfe hegte der polnische König tieses Mißtrauen und die Bundesgenossen waren von vornherein eisersüchtig und uneinig. Iohann Rasimir war nach den vielen Drangsalen der letzen Zeit friedensbedürftig und suchte sich eine kräftige Stüße für den Fall des wiederauflebenden schwedischen Kriegsglück zu verschaffen. Die Sicherheit gegen einen neuen Ansall von schwedischer Seite lag für Polen in erster Linie in einer Aussöhnung mit dem Kurfürsten von Brandenburg, der seinerseits in dem gewaltigen Ansturm von Polen, Dänen, Desterreichern und Russen gegen die schwedische Macht seine Interessen ann besten in einem Bund mit den Allierten gewahrt glaubte. So

19. Sept. tam benn endlich zu Behlau ber polnisch-brandenburgische Friedensvertrag zu Stande. Gegen Rückgabe aller polnischen Eroberungen erhielt Friedrich Wilhelm das Herzogthum Preußen in voller erblicher Souveranetät, mit dem Rückfall an Polen beim Aussterben seiner männlichen Nachsommenschaft. Zugleich schlossen beide Theile einen Bertheidigungsbund gegen Schweden auf die Dauer des Kriegs, mit Festsehung der einander zu gewährenden Hülfsmanuschaften. Sinige Wochen später kamen die beiden Fürsten in Bromberg zusammen und erneuerten den Bertrag, wobei der Kurfürst noch die beiden Herrschaften Lauenburg und Bütow an der pommerisch-preußischen Grenze und die, jedoch noch von den Schweden besetze Stadt Elbing erward. König Karl X., damals im siegreichen Bordringen in Dänemark begriffen, war über den Abfall des Kurfürsten sehr erbittent, obwohl nach der treulosen Staatskunst der Beit das Geschebene lange verbeimlicht

und die trügerischen Unterhandlungen fortgesett wurden. Mit gutem Grunde durfte fich ber Rurfurft der ernsteften Rache von Seiten ber Schweden verseben und feste fich nicht nur felbft in Bertheidigungestand, sondern mar auch erfolg. nich bemuht, einen umfaffenden Baffenbund gegen Schweden zu bilben. Er ichloß ein Schutz- und Trutbundniß mit Danemart und mit Defterreich. Allein 10. Nov. bas Migtrauen und die Rivalität der Mächte, die hinterhaltigkeit und Unehr. 9. Febr. 1858. lichkeit ber Politik jener Tage ftanden einer energischen gemeinsamen Action im Beae.

Der Bertrag von Behlau war ein Ereignis von weitreichender hiftorischer Beziehung. "Die große beutiche Colonie im Often" fagt Rante "beren Grundung ben lange fortgefesten Anstrengungen ber beutschen Ration zu verbanken war, wurde daburch in ihre ursprüngliche Unabhangigteit von ben benachbarten Machten bergeftellt, wenigstens in soweit als fie ben Rurfürften von Brandenburg Dergog von Breugen als ihr haupt anertannte. Und mas lag nicht alles fur biefen Furften felbft und fur fein Daus in bem Creignis. In ber Mitte ber großen Reiche, die ihnen bisher ihren Billen auflegten und eine eigenthumliche Politit nach eigenem Intereffe doch in ber Chat verhinderten, erfcheinen ber Fürft und das Band als ihnen ebenbürtig und gleichberechtigt, als nur von fich felbft abhängig. Es war das Wert eines geschickten Steuermanus, ber in bem politischen Sturm, ber fich um ihn her erhob, die Richtung feiner Fahrt mehr als einmal berandert und gulest gludlich in den fichern hafen gelangt. Für die Bildung des Staates ift die Erwerbung insofern unschätzbar, als fie den Aurfürsten aller Rucklicht auf die Bolitit von Bolen entledigte: er tonnte fortan feinen eigenen Gefichtspuntten folgen."

Der Fortgang der fowedifden Unternehmungen in Bolen nach der Schlacht bei Ruffice-Barfchau murde wefentlich burch ben gleichzeitigen Ausbruch bes ruffifden Rrieges ge- Rrieg. 1656 hemmt. Baar Alegei, Sohn und Rachfolger Michaels Feodorowitsch (XI. 900) benugte —1888. die Berruttung des Polenreichs, um fich des größten Theils von Litthauen und Bolbynien zu bemächtigen. Ronnte er Unfangs als ein Berbundeter des Schwedentonigs betrachtet werden, fo fab fich boch jeder der beiden durch die Fortfchritte des andern in seinen Absichten und Bestrebungen durchtreugt; Distrauen, Cifersucht, da und bort offene Feindfeligkeiten konnten nicht ausbleiben. Die aufftrebende moscovitifche Macht hatte langft die fowebischen Offfeeprovingen mit begehrlichen Bliden betrachtet; war es doch der einzige Puntt, von dem aus Rugland in den europäischen Bertehr eintreten tonnte, eine Bofition von entscheidender Bichtigkeit für die Butunft des jungen Reiches. Die gefährliche Lage des von fo vielen Seiten bedrohten Schwedentonigs eröffnete für ben Baaren lodende Ausfichten. Die ichwedischen Oftseeprovingen maren in der traurigften Berfaffung; die beften Streitfrafte jog ber polnifche Rrieg an; die Festungen waren verfallen; an Geld, an Baffen und Proviant war der außerfte Mangel; die Sinwohner griechischen Betenntniffes ftanden mit ihren Sympathien offen auf Seiten ber Ruffen. Als die Mostowiter die Grenze von Ingermanland überschritten, fanden 3uni 1656. fie geringen Biderftand; taum daß die festen Plage bon den schmachen Garnisonen gehalten werden konnten. Dann führte der Baar felbst ein gewaltiges Beer, bas auf 100,000 Mann angegeben murde, gegen Libland. Reuhaus, Dunaburg, Rodenhufen mußten den fturmenden Ruffen die Thore öffnen. Die Buth und Graufamteit, womit die damals noch ganglich roben und zuchtlosen Ruffen die Landschaften beimfuchten, erregte felbft in jener an Rriegsleiden aller Art gewöhnten Beit Entfegen und Grauen. Bald langten die wilden Sorden bor Riga an. Sier brach fich freilich ihr Ungeftum, Auguft. benn im Belagerungswesen, überhaupt in ber Runft ber Rriegsführung hatten fie noch außerft wenig Erfahrung. Rach fechewochiger Belagerung faben fie fich jum Abjug Beber, Beitgefchichte. XII.

Oftbr. genöthigt. Dafür gelang es ihnen, sich Dorpats durch Kapitulation zu bemächtigen, wo wenige hundert Mann zehn Wochen lang 18,000 Feinden getrost hatten, und sich hier einen Stüppunkt für weitere verheerende Streifzüge zu schaffen. Dafür rächten sich dann die Schweden unter Magnus Gabriel de la Gardie durch Einfälle in russischen sich ebenfalls vergeblich an Riga; das ganze Jahr 1657 und bis ins Jahr 1658 hinein währte in jenen Gegenden das entsepliche Kriegsschauspiel, ohne irgend eine eutscheidende und großartige Wassenthat. Den Russen ward endlich, im Rücken von den Lataren be-Derbr. 1668. droht, die Beendigung des Kriegs wünschenswerth; daher kam ein dreijähriger Wassen stüllstand zum Abschluß, dem zufolge Jeder im einstwelligen Besie dessen von Kardis.

#### b Die banifden Rriege.

Als Rarl X. mit dem Fürsten von Siebenburgen vereinigt tief in Bolen Schmebens fder Krieg ftand, tam die Rachricht, daß der langft befürchtete Krieg mit Danemart durch erfter bani= Beranias die Keindseligkeiten bieses Reiches eröffnet worden, und das der vom inneren fung. Bolen bis Livland ausgedehnte Ariegsschauplat jest auch auf die schwedischen Besitzungen in Deutschland erweitert sei. Die Unternehmungen in Polen mußten nun unterbrochen oder boch febr eingeschränkt werden; benn die Gefahr an ba Elbe und am Sund bedrohte Schwedens Macht aufs Unmittelbarfte. Seit dem Frieden von Bromfebro (XI, 1004) lag biefer Rrieg in ber Luft; Die Baffen awischen den beiben Rachbarreichen hatten seitbem geruht, nicht aber die Giferfucht, das tiefe Mistranen in die Absichten bes Gegners und ber Argwobn gegen jede Machtvergrößerung bes Rivalen. Die banifche Bolitik betrachtete mit ficigender Beforgniß bas Umfichgreifen ber ichwedischen Berrichaft, bie fich an fammt lichen Oftfeeluften festzuseten und Danemart von allen Seiten zu umflauuner brobte. Benn Schweben erft mit feinen polnischen Unternehmungen fertig go worben, glaubte man einen Angriff auf bas scandinavische Rachbarreich mit Sicherheit erwarten zu muffen. Es ichien rathfamer, biefer Gefahr guborgukommen, so lange der kriegslustige Ronig Rarl X. durch die Berwicklungen mit Bolen und Rugland in Anspruch genommen und in feiner vollen Dachtentfaltung gebemmt mar. Das banifche Reich war freisich bamals in arger Berruttung, bie Ronigemacht burch bie Abeleoligarchie gebrochen, bas Deer- und Finanzwefen in troftlofer Berfaffung. Allein auswärtige Bundesgenoffen fchienen zu ersehen, mas dem Reiche selbst an Rraft fehlte. Die Generalstaaten trugen trop des neuen Sandelsvertrags feindselige Gefinnung gegen Schweden; ber Raiser munterte jum Rriege an und fellte Gulfe in Ausficht; ein gludlicher Keldaug, so hoffte König Friedrich III., werbe auch die gebruchene monarchische Dacht in feinem Reiche fraftigen; Die Stimmung in ben neuerworbenen Land. Schwedens ichien bas Unternehmen zu befordern. Unter bem Ginflus dieser Aussichten und Hoffnungen murbe auf dem Reichstag zu Obenje ba

Befchluß gefaßt, den alten Arieg zu erneuern und fich in das unbesonnene Bag. Bebr. 1657. niß zu fturzen, welches das Reich an den Rand des Abgrundes bringen sollte.

Die Borwande des Kriegs waren ziemlich unbegründet; die Beschwerden betrafen den Schus, den der verbannte dänische Graf Korsz Uhleseld am schwedischen Hose für seine landesverrätherischen Umtriebe gefunden, die Borenthaltung einiger streitigen Stüde Landes, die Beeinträchtigung des Sundzolls durch Anlegung neuer Bölle und Einschmuggelung fremder Baaren unter schwedischer Flagge und dergl. Die beste Entschuldigung des unüberlegten Vorgehens lag darin, daß man einen über turz oder lang doch undermetdlichen Krieg bei Benuhung der sehigen Bedrängnisse des Gegners unter den günstigsten Anspecies beginne.

Der Angriff begann jugleich bon verschiebenen Seiten. Gine banifche Flotte Ausbruch blodiete Gothenburg und andere fcmebifche Safen, um ben Sandel gu fperren ; Rarls X gleichzeitig rudten banifche Geere in Salland und in Bremen ein. In Schweben Juni 1667. war man teineswegs überrafcht und hatte die Bertheidigungsanftalten nicht vernachläßigt; ber Reichsbroft Graf Brabe organisirte bie Gegenwehr und rief bie Bauernichaften unter Baffen; Stenbod, ein trefflicher Felbherr, tam aus bem Bolenfriege beran und leitete die Operationen in Halland und Schonen; gleich. wehl hatten die Danen auf diesem Theil des Rriegstheaters das Uebergewicht, and auch von Norwegen aus machten fie in ben Berbstmonaten fiegreiche Fortfritte in Jenttand und Derjebalen. Allein bie Entscheibung mußte fich jenseits bet Meeres vollziehen. Der Ronig Rarl X. hatte bei ber erften Rachricht von ben banifchen Feinbseligfeiten ben unfruchtbaren polnischen Rrieg im Stich gelaffen; sein kuhner Muth wurde auch durch die nene Gefahr nicht niedergebeugt. Mit wenigen taufend Mann Kerntruppen jog er in Gilmarichen nordwärts und fand balb an ber holfteinischen Grenze. Babrend General Brangel Die Feinde Juli 1857. aus bem Bremifchen jagte, unterwarf ber Ronig felbft faft ohne Schwertftreich Muguft. gang Bolftein, Schleswig und Jutland; ein Feldzug von wenigen Bochen genügte, um die Ueberlegenheit der schwedischen Baffen aufs Reue darzuthun. Bestürzung und Schred bemächtigte fich aller Gemüther. And die ftarte Festung Fridericia wurde mit stürmender Hand genommen, eine außerordentlich kuhne Baffenthat. Der Rein des danischen Reichs aber war nicht bas Festland, sondern die Inseln. Den Feind hier, in seinem Bergen zu treffen, war das tuhne Biel des raftlofen Schwedenkonigs; es brangte ibn um fo mehr, eine Enticheidung herbeiguführen, als die Gefahr von Seiten der verbundeten Polen, Defterricher und Brandenburger mit jedem Tage wuchs.

Mit bem Aebergang auf die Inseln zu warten, die die bessere Sahredzeit Der Nebergang über bie Schissahrt gestattete, schien dem raschen Schwedenkönig zu langwierig; die dem Bett. Strenge des Winters gab ihm einen Man von unerhörter Kühnheit ein. Ueber das Eis des kleinen Belt füdlich von Middesfart wurde in den letzen Tagen des Januar der Uebergang nach Fünen bewerkstligt, tropdem vom gegenüberliegen- Jan. 1858 den Borgebirg Ivernaes aus die Dänen ein heftiges Feuer eröffneten und unter zwei Schwadvonen das Sis zusammenbrach. Das dänische Heer auf Fünen

39\*

wurde zersprengt and gefangen genommen. Es ftand nun aber noch das schwierigere und gefährlichere Bert des Uebergangs nach Seeland, über den viel breiterm großen Belt bevor. Es mar eine entscheidungsvolle Stunde, als ber Entschluß gefaßt wurde, auch diefes Bagniß zu bestehen. Die Borfichtigen warnten bor der Schmäche und den Luden des Gifes, bor dem Thauwind, der mit ftrengent Ralte abwechselte. Mit forgenvollem Sinn erwog ber Ronig die Moglichkeit, mit dem ganzen Heere in den Fluthen begraben, oder auf einer der Inseln abgeschnitten zu werden; viele warnende Stimmen erhoben fich gegen bas tollführe Unternehmen, deffen gleichen die Rriegsgeschichte nicht tennt. Und boch wurde das Bagniß ausgeführt. Richt der nähere, aber ununterbrochen über das Baffer führende Beg von Nyborg nach Corfoer wurde gewählt, sondern der weitere über die Jufeln Langeland, Laaland, Falfter, amifchen benen die Meeresftragen minder Anfang breit find. So zog denn eine ganze Armee, Reiterei, Fuspolt und Geschüt, Bebruar iber die mit einer leichten Gisbede belegten Gewässer. "Es war etwas Erschredliches", sagt ein zeitgenössischer Bericht, "während der Racht über dieses zugefrorene Meer zu mariciren, wo das Trampeln der Bferde den Schnee geschmolzen

Friebe von Rocefilbe.

mangelhaft befestigt mar.

Best gewannen die englischen und frangofischen Friedensvermittler Gebor. Dane mart tonnte im Augenblid an Biderftand nicht mehr benten, und auch Rarl X., dem bie Uebermacht seiner andern Feinde schon lange Sorge machte, ergriff gerne den Frieden.

hatte, jo daß das Baffer wohl eine Elle hoch auf dem Gife stand und man jeden Augenblick fürchten mußte, irgendwo das Meer offen zu finden". Das beispiellot tubne Bagftud gludte; nach wenigen Tagen stand bas Beer auf bem Boden bon Seeland und balb bicht bor Ropenhagen, bas bon ber Landfeite außerf

28. Febr. So wurde denn ju Roestilde (Rothichild) der Bertrag geschloffen, der Danemart die fcmatften Opfer auferlegte. Beide Dachte entfagten allen Bundniffen, welche ju des andem Schaden eingegangen waren, und verpflichteten fich, fremden feindlichen Flotten die Disee zu sperren. Schweden erhielt ferner durch Schonen, Blekingen, Halland, Drontheim. Bohuslan, die Insel Bornholm eine sehr bedeutende Gebietsvergrößerung und gelangte dadurch in den vollen Befit feines eigenen Continents und eines Studes von Rorwegen; d wurde ein abgeschloffenes Sanze, durch die See und durch den norwegischen Gebirgeruda bon dem danischen Reiche getrennt. Der berbannte danische Chelmann Rorfig Ubleich mußte in seine Guter und Rechte wieder eingesett werden. Die fowedische Racht fand in diefem Augenblid auf dem Sipfel ihres Gluds, und in gang Curopa bewunderte man den heldenmuthigen Ronig, der aus Roth und Gefahr nur immer größer berbote

Der Friede von Roeskilde war von König Friedrich 111. als ein Ausstunges ban, Krieg. mittel in der Noth ergriffen worden; die Opfer waren zu bedeutend, um fo schnell verschmerzt werden zu konnen. Die Aussichten, daß fich in ben großen triegerischen Berwidelungen das Glud gegen Schweden wenden könne, waren zu lockend, als daß Danemark nicht noch einmal die Entscheidung ber Baffen batte verfucher follen. Die Bollander, welche bie ichwebische Uebermacht in der Oftsee for-

Allein der Friede mit Danemart trug bon bornherein nur den Charafter eine Baffenstillstandes; die Berhandlungen über eine engere Allianz führten nicht zum Bick

während mit Beforgniß betrachteten, reigten zu einem neuen Rriege an und stellten jest fraftigere Unterftugung in Ausficht; Die Berbundeten im Often, Brandenburg, Polen, Defterreich, schickten fich ebenfalls an, ben Danen ju Bulfe gu fommen. Auf der andern Seite bachte auch Rarl X. jest mit seinen alten Begnern abzurechnen und wollte nicht einen fo zweideutigen Freund, wie Danemart es dermalen war, im Ruden laffen. Auf beiben Seiten fab man die Erneuerung bes Rriege ale eine Rothwendigkeit an. Der fcmebifche Ronig, gewohnt feine Entichluffe raich auszuführen und bem Begner zuborzutommen, griff zuerft zum Schwert.

Als die Danen sich weigerten, Schiffe aufzustellen, um der hollandischen Flotte Batriotischer den Gintritt in die Oftfee ju verwehren, eröffnete der Ronig die Feindseligkeiten aufs in Ropens Reue. Roch ftanden von dem erften Rriege fcmebifche Befagungstruppen in Danemart, bagen. als Karl X. wiederum an Seeland anlegte und nach wenigen Tagen vor Ropenhagen Aug. 1658. bielt. Aber die hoffnung, durch die Schnelligkeit feines Angriffs die Stadt überrumpeln ju tonnen, erwies fich diesmal als eitel. Die Ausficht, die Freiheit und Gelbftandigfeit des Baterlandes ju verlieren und ganglich in Schweden einverleibt ju werden, erzeugte einen patriotifden Aufschwung, eine nationale Begeisterung, bergleichen man lange in Danemart nicht erlebt hatte. Die baufälligen Mauern und Befestigungen murden mit größtem Gifer hergestellt, die Burger, die Studenten traten unter Baffen. Angefichts biefer entschloffenen Saltung gab Rarl ben Bedanten, Die Sauptftadt mit fturmender band ju nehmen, auf und entichloß fich jur Belagerung, die jedoch teineswegs den gewunschten Fortgang batte. Bwar gelang es bem tapfern C. G. Brangel, bas feste Kronenborg jur Uebergabe ju zwingen und fich jum herrn bes Sundes ju machen, Septer. aber Ropenhagen widerftand allen Angriffen und Belagerungsarbeiten, die unter Stenbods Leitung unternommen wurden. Und doch batte die Stadt, an vielen Stellen in Brand geschossen und bom Sunger bedrangt, am Ende fic ergeben muffen: wenn nicht jur Rettung die hollandische Flotte unter dem Admiral Opdam erfcienen und jugleich Oftebe. die Berbundeten im Anmarich gegen Solftein gewefen waren. Im Derefund tam es ju einer heftigen Seefchlacht; trot der ruhmlichen Saltung ber fcwedifden Marine bahnte fich die hollandische Flotte den Beg nach Ropenhagen. So wurde die hauptftadt entfest und die Bollander und Danen murden Berren bes Meeres.

Best tamen auch die öftlichen Allierten dem bedrangten Danemart ju Bulfe. Ber- Die Berbuns einigt mit kaiferlichen und polnischen Eruppen unter Montecuceoli und Charnedi zog Danemart. der Aurfürft Friedrich Bilbelm in das von den Schweden befeste Bergogthum Solftein; unter ihm befehligten die Benerale Spart, Derfflinger und ber aus ichwebischen in brandenburgifche Dienste getretene Fürft Johann Georg von Anhalt-Deffau. Mit überlegenen Streitfraften gogen die Berbundeten durch die Bergogthumer bis tief in Jutland binein. Richt nur in Danemart erhob fich ber Biberftand wieber traftiger, auch allenthalben in den neuerworbenen Landschaften regte fich die Auflehnung gegen die schwedifche herricaft. Dronthelm mußte nach tapferfter Gegenwehr bon ber fcwebischen Barnifon geraumt werden, als ein danifches heer bor der Stadt erfchien und die Bur- Derbr. gerichaft dem alten Berrn fich anschloß; auf der Infel Bornholm verjagten die Ginwohner die fcwedifche Befagung und fehrten unter die danifche Sobeit gurud. Gleichzeitig wuthete in Bommern und Breugen der Rrieg. Gin polnisch-taiferliches Geer lag lange Monate vor Thorn, bis endlich die Sandvoll fcmebifcher Befagungstruppen unter den ehrenvollsten Bedingungen fich ergab. Das tubne Unternehmen, der Stadt Ropen. Derbr. 1658. hagen jest burch einen Sturm mit ungenugender Mannichaft Berr zu werden, folug gebr. 1659.

schl. Es kam zu einem furchtbaren nächtlichen Kampf in den Gräben und Wällen; nach empfindlichem Berluste mußten die Schweden sich zuruckziehen und verschanzten sich allenthalben auf den Inseln in sesten Stellungen. Es schien um diese Beit, als sollten die langen Unterhandlungen mit England, dem alten Rivalen Hollands, zum Biele stübren; es zeigte sich eine starke englische Flotte im Sund, um die Hollander zu beobachten und die Schweden Inspsten daran die zuversichtlichsten Hossandssen. Allein der Sturz des Protectors Richard Cromwell vereitelte diese Aussichten; die hollandische Flotte herrschte wieder allein zur See und hemmte die Schweden auf das Empfindlichste in der Freiheit ihrer Bewegungen.

Mit dem Fall von Fribericia war bas gange banifche Feftland von ben bes Kriegs. Schweben gefäubert und in den Händen der Berbundeten; nur auf den Inseln hielt fich Rarl X. unbezwungen. In Boinmern und Breugen brach bann ber Berbft 1639. Rrieg mit erneuter Beftigfeit aus; ein ftartes taiferliches Beer unter De Souches jog aus Schleffen nach bem fcwebischen Pommern; eben babin manbte fich bie Sauptmacht der Berbundeten aus Jutland unter bem Aurfürsten Friedrich Bilhelm felbft. Eine Reihe fester Blage fiel in ihre Sand; aber die Giferfucht und Uneinigfeit verhinderte entscheidende Erfolge; Stettin widerstand allen Angriffen. Erop der Uebermacht der Feinde hielt fich der tapfere Schwedenkonig aufrecht; auch als ein brandenburgisches Beer unter bem General Quaft, mit Bolen und Roobe. Raiferlichen verbunden, auf hollandischen Schiffen nach Funen überfette und die Schweden unter dem Pfalzgrafen Philipp von Sulzbach bei Apborg fcmet aufs haupt folug, mantte Rarl X. nicht in feinen festen Stellungen auf Seeland. Allein ber unverzagte Rriegsheld zweifelte boch, auf die Dauer ber feindlichen Uebermacht widerfteben ju tonnen; er trug fich ichon lange mit Friedensgedanken und hatte feine gewaltigen Plane, die einft auf die Theilung von gang Polen und Danemart gerichtet waren, unter ben ichmeren Bibermartigfeiten ber Beit wefentlich herabgestimmt. Allein er follte bas Enbe biefes Rrieges nicht Eob Rarle X. erleben. Gerabe hatte er noch einen Feldzug gegen bas banische Rorwegen an-23. Febr. geordnet, als ihn, erft 38 Jahre alt, ein plöhlicher Tod hinwegraffte.

Ber Tod des schwedischen Königs erleichterte den Friedensschluß; die vormundschlässe. Schaftliche Regierung erhod keine allzuhohen Ansprüche; die Sinanznuth des Reichs, der zerrüttete Bustand des heerwesens, der Druck, der auf den vom Feinde beschten Provinzen lastete, riethen dringend zum Frieden, den auch die westlichen Mächte, England, holland, Frankreich, welche sich in den sog. "Haager Concerten" zur gemeinsamen Bermittelung in den nordischen Birren verdunden, energisch betrieden. So wurde denn endlich ein allgemeiner Congres in dem Aloster Oliva dei Danzig eröffnet, der Raiser und Brandenburg einerseits und Schweden anderseits sührte. Die territorialen Beränderungen, die der sünssizierselts und Schweden anderseits sührte. Die territorialen Beränderungen, die der sünssizierselts zurückzeiden. Polen entsagte den Ansprüchen auf den schweden im Beston, wodurch dieser lange Successionsstreit beendet wurde, und erkannte Schweden im Besty von ganz Livland an. Das herzogthum Preußen wurde in der im Wehlauer Bertrag erlangten Souveränetät bestätigt.

## V. Der Rorden und Rordoften Europas.

Ginen Monat fpater folos auch Danemart Brieben mit bem Racbarreiche. Als die Sollander eine Uebereintunft mit Schweben eingingen und ihre Flotte, Die den gangen infularen Rriegsfchauplas beherricht hatte, aus bem Gund jurudzogen, hatte man auch in Danemart teine Reigung ben Rampf fortzusehen. In Diesem Ropenhagener Frieden 5. Juni 1660. wurde im Allgemeinen ber Rothschilder Bertrag bestätigt, doch wurde der Artitel über den Ausschluß fremder Flotten von der Oftsee aufgehoben und Drontheim in Rorwegen nebft der Infel Bornholm an Danemart gurudgegeben.

Die bon ben Schweben befeste und Brandenburg als Pfanbicaft jugesprochene Stadt Elbing murbe den Bolen überliefert und von diefen auch nicht berausgegeben; erft unter dem Rachfolger Friedrich Bilbelms (1698) wurde Die Stadt mit Gewalt unter brandenburgifche Bobeit gebracht, mas in Bolen große Aufregung und faft einen nenen Rrieg erzeugte; die Pfanbfumme wurde jedoch nie bezahlt und bie Stadt blieb auf immer branbenburgifd.

Sinige Jahre nach bem Friedensichlus ftrebte ber Rurfurft mit Erfolg, fic bes Griverbung Befiges der wichtigen Stadt Dag deburg ju berficern. Das Erzftift mar ihm im burg. weftfalifchen Frieden als erbliches Bergogthum nach bem Tobe bes bamaligen Bermefers, des Bringen August von Sachfen, jugefichert worben (XI., 1015), mit bem Rechte, fogleich die Guldigung entgegenzunehmen. Im Erzstift fand er auch teine große Schwierigfriten, wohl aber in der Stadt, welche nach wie bor ihre Reichsfreiheit behauptete und aufrecht zu halten fuchte und fich auf eine buntle gaffung bes Friedensinftrus ments flitte, welche zwar teine Anertennung der ftabtifchen Freiheit enthielt, doch aber ju Sunften ihrer Anspruche gebeutet werden tonnte. Un ber Spige ber Burgerschaft ftand damals Otto Geride, der berühmte Erfinder der Luftpumpe. Um die buldigung ju erzwingen, jog ber Rurfürft ein gewaltiges Beer um bie Stabt jufam-Der fowache Administrator war im Cinverftandnis und die Burgerfcaft fah fich genothigt, ben Ereueld ju leiften und eine brandenburgifche Befagung aufzunehmen, gegen die Bufiderung, daß ihre Rechte und Privilegien nicht beeintrachtigt werden follten. Bei dem Tobe des Administrators (1680) fiel dann ber wichtige Befit in die alleinigen Bande des Rurfürften.

#### 3. Die Souveranetat in Preußen.

Rachdem der Rurfürft von Brandenburg die Souveranetat über bas Ber- Beinbfelige jogthum Preußen erworben, mar es fein eifrigftes Anliegen, Diefelbe burchau- in Breußen. führen und prattisch geltend zu machen, und zwar in dem weiten unbeschränkten Umfang, in welchem er und die Rurftenschaft jener Beit landesberrliches Recht verftanden. Die Freiheit und die bedeutende Macht, welche die bortigen Stande besaßen und eifersuchtig buteten, mar feinem berrischen und autofratischen Sinn aufs Aenherste zuwider. Das durch den Rrieg bart mitgenommene Land seufzte unter einer bon Sahr ju Sahr fteigenben, unerträglichen Steuerlaft und nahm die neue Souveranetat, die fich junachft in nichts als Geldforderungen, Militarbrud und Migachtung ber alten Landesfreiheiten zeigte, feineswegs freundlich auf. Die Dissitimmung, die namentlich unter ber Ronigsberger Burgerschaft, aber auch unter bem Abel und ber lutherischen Beiftlichkeit bervortrat, nabm bisweilen einen febr beftigen Charafter an und führte wiederholt ju Bulfegesuchen an den Barschauer Bof. Un der Spige ber ftadtischen Opposition stand ber

Schöppenmeister von Königsberg, Hieronymus Rhobe; die seindselige Agitation unter dem Adel betrieb vor Allen der Oberst Christian Ludwig von Kaltsein. Die Stände protestirten auf einem Landtag geradezu gegen die Loslösung von Polen, die ohne ihren Billen vollzogen worden und ihren Privilegien nachtheilig sei; die Souveränetät sei weder ihnen, noch dem Kurfürsten nüplich. Es wurden eifrige Anstrengungen gemacht, sich mit polnischer Hülfe von dieser lästigen und, wie man darlegte, ohne Zustimmung der Stände rechtlich ungültigen Souveränetät zu befreien.

Wachfenbe Das alte ftandische Befen lag bier mit dem neuen monarchischen Staatsbegriff in Opposition. Bie der Aurfürft fich weigerte, die ftandischen Brivilegien im alten Umfange ju beftatigen und banach ju bandeln, fo die Stande, Die neue Souveranetat anquertennen. Es wurde öffentlich gefagt, daß man harter als turtifc regiert fei und Alles baranfeten merbe, die Freiheit mieber zu erringen. Die bon den Standen für Anerkennung der Souveranetat verlangte "Affecuration" beanfpruchte, daß der Aurfurft ohne ihre Bewilligung weder Arieg anfange noch Bundnife foließe, teine fremden Eruppen ins Land bringe, feine neuen Bolle und Abgaben einführe; der Landtag follte auch ohne fürftliche Berufung alle zwei Jahre gufammentreten und die Stande, wenn ihre Rechte verlet murden, des Gibes entbunden fein. Dagegen nahm der vom Rurfürsten aufgestellte Entwurf einer Regierungsverfaffung eine nahezu unumschrantte Gewalt in Anspruch. Die Stande traten über diefe Berfaffung gar nicht einmal in Berathung. Der turfürftliche Statthalter, Fürst Bogislaus von Ragivil, hatte einen fcmeren Stand; die Burger, die Adligen veranstalteten fturmifche Berfammlungen und drohten mit offenem Landesverrath ; die Landtagsverhandlungen führten bei der gereizten Stimmung zu keinem Erfolg und mußten wiederholt vertagt werden. Die Spannung murde fo ftart, daß der Sohn des Schöppenmeifters Rhode im Ramen der Stadt nach Barschau geschickt wurde mit der Bitte um hulse und der Erflarung, "die Ronigsberger wollten eber dem Teufel unterthanig werden als langer unter foldem Drud leben;" von Polen aus wurde denn auch die Auflehnung gefdurt und unterftutt. Man fland bor der offenen Emporung ; der Rurfurft jog drobend Rriegsvolt um Ronigsberg jufammen, mabrend die Burger ebenfalls ju den Baffen griffen und fich anschidten, polnische Truppen aufzunehmen. Es war dem Rurfürften vor Allem barum ju thun, Rhode, den Leiter der gangen Bewegung in feine Und dies gelang ihm auch durch Gewalt und Lift, obwohl die

Ott. 1662. Hand zu bekommen. Und dies gelang ihm auch durch Sewalt und Lift, obwohl die Königsberger Bürgerschaft sich zusammengeschaart hatte, um die Berhaftung ihres Wortsührers mit gewassneter Hand zu hindern. Ungeachtet der dringenden Bitte der Bürgerschaft und der Berwendung des Königs von Polen, wurde Ahode des Hochverraths überwiesen erklärt und blieb sechzehn Jahre, dis an seinen Tod (1678) in Gewahrsam zu Peiß. Ein Gnadengesuch an den Kurfürsten, der vielleicht zu vergeben geneigt war, brachte der tropige Mann nicht übers Herz, da er Recht und keine Inade verlange.

Das Schickfal Rhodes brach den Widerstand der Königsberger und verschaffte den sidnung. gütigen Borten des Kurfürsten Eingang; die Schöffen, Bünfte und Deputirten der 16. Nov. Stadt erkannten jest willig die Souveranetät an. Nach langen Berhandlungen mit den 12. Marz Ständen kam endlich die verlangte "Assecution" zu Stande. Der Kurfürst entschuldigte sich, daß er wider das Recht der Stände den polnischen Bertrag allein abgeschlicken, und versprach in Bukunft, bei solchen Handlungen, die das Herzogthum beträsen, der Stände Rath einzuholen und ohne diesen nichts zu beschließen. Er verbieß.

bie Souveranetat nur in dem Umfang brauchen zu wollen, wie fie ben Bertragen zwiichen Breußen und Bolen und ber Landesverfaffung gemäß fei, bestätigte fammtliche Brivilegien und Rechte ber Stande und die ungefährdete Uebung der lutherifchen Religion mit Befdrantung bes landesberrlichen Rechts in Rirchensachen. Ohne ftanbifden Rath und Einwilligung follte wegen des herzogthums Preußen tein Rrieg angefangen, follten teine Steuern und Abgaben auferlegt werben. Die Landtage follten in regelmäßigen Bwifchenraumen berufen und Riemanden ber Beg Rechtens und Befcwerde über öffentliche Angelegenheiten verfchloffen werden. Run tam endlich die feierliche Guldigung des 28. Det. Abels, der ftadtischen Abgeordneten und Beamten an den Aurfürften und, für den Fall des Erloschens des turbrandenburgischen Mannsftammes, an die Krone Bolen ju Stande. Allein auch nacher geriethen Die alte Freiheit und Die neue Souveranetat noch oftmals in Rampf; der Rurfürft bielt fich teineswegs immer an die Affecuration; das Mistrauen der Stande war ftets rege und die emigen Steuerforderungen machten viel bofes Blut. Mit großer Garte und Unbilligfeit murben bie felt einem halben Sahrhundert verbfandeten Domanen gurudgefordert, und wo die Befigtitel nicht gang unanfechtbar maren, oft mit offenbarer Billfur die Einziehung verfügt.

Das allgemeine Difvergnugen drohte wenige Jahre fpater wieder in offenen Rattfiein. Rampf und Aufruhr auszubrechen. Der ermähnte Chriftian Ludwig von Raltflein hatte seinen Biberspruch gegen die Souveranetat nie aufgegeben und den Sulbigungseid nicht Als er jest feiner hauptmannschaft von Diegto entfest wurde, fann er in feinem Smarimm auf Rache am Rurfürften, brobte mit einem Ginfall ber Bolen und hatte bei der herrschenden Gabrung leicht eine große Bewegung ins Leben rufen konnen. Dem tam ber Rurfürst burch rafche Gefangennahme bes gefährlichen Mannes gubor. Kalkstein wurde des Hochverraths schuldig erkannt, zum Tode verurtheilt und zu ewiger Sefangenschaft begnadigt. Streng und gewaltsam brach ber harte Rurfurft Schritt für Schritt den Biberftand; Die fteigende Steuerlaft mußte getragen werden, allein bas neue Regiment hatte wenig Freunde im Lande, wenn auch die offene Biderfeglichkeit gegen den geftrengen Geren nachließ. Raltstein murde nach einjahriger Saft in Freiheit gefest, nachdem er Urfehde geschworen und gelobt hatte, fich ohne Er- Decbr. 1868. laubniß bes Rurfürsten nicht von feinen Gutern ju entfernen. Allein ber unruhige und rachsuchtige Mann spann alsbald neue gefährliche Umtriebe, indem er fich an den Barfchauer Dof begab, wo auch der jungere Rhode weilte. Um polnischen Sofe fanden die Unichlage gegen den Aurfürften fiets gebeimes Entgegentommen und Aufmunterung ; Raltstein rubmte fic öffentlich, er werbe es dabin bringen, daß Breugen wieder ein polnifdes Leben werde. Die Auslieferung bes eidbruchigen Sochverrathers, die der Rurfurft verlangte, murbe verweigert. Bor dem Reichstag reichte ber verwegene Mann, angeblich im Ramen der preußischen Stande, ein Bittgefuch um Befreiung bon dem brandenburgifden Bod ein. Als alle Borftellungen des Rurfürften gegen die landesberratheris ichen Umtriebe nicht fruchteten, nahm auf feine Beranlaffung der brandenburgifche Refibent in Barfchau, von Brandt, durch Lift und Baffengewalt den Raltstein gefangen 30. Rov. und ließ ihn ichleunig nach Breugen ichaffen. Darin lag unftreitig eine Berletung bes Bollerrechts; am polnischen Sofe mar man außerft erbittert und verlangte die Rudgabe bes Entführten unter Rriegsdrohungen; Brandt batte fich, um Repreffalien zu entgeben, ichleunigft ebenfalls nach Breugen begeben. Die Sache führte zu hochft gereigten Auseinanderfegungen zwischen bei beiden Bofen; doch scheute man fich beiderseits vor einem Rrieg um bes einen Menichen willen; ber Rurfürft gab enticuldigende Ertlarungen ab, als habe er die Entführung nicht veranlagt, die Thater mußten fich einige Beit verborgen halten, und der polnifche Sof gab fich endlich jur Rube. Raltftein aber murde nach Memel gebracht und dort in einem febr formlofen, in verschiedener Beziehung ben

preußischen Landesgesehen widersprechenden Berfahren als Hochverräther zum Lode ver8. Nov. urtheilt. Das Urtheil wurde auch alsbald durch Enthauptung vollstredt. Die hinterlistige Ergreifung und blutige Execution des Kalksein war freilich keine rühnutiche Ihat,
aber das unbotmößige landesverrätherische Des verwegenen Cockwanns hatte die
Strase wohl verdient, und sie übte eine gewaltige Birkung auf das noch immer widerspenstige preußische Land. Das harte Regiment mit seinem unerschwinglichen Steuerdruck und seinen vielsachen Berlehungen des Rechts und herkommens wurde seitdem,
freilich mit innerm Widerstreben, doch aber mit Fügsamkeit ertragen.

## 4. Die schwedischen feldzüge in den stebenziger Jahren.

Franfreich u. Schweben.

Babrend ber Rurfürft bergeftalt feine lofen Landergebiete ju einem Staat aufammenfaßte, nahm er auch an den großen Beltereigniffen erfolgreich Theil und nab bem brandenburgifchen Ramen in ber europäifden Bolitit eine Stellung, wie keiner feiner Borfahren fie eingenommen. Bir haben die weltbewegenden diplomatischen und militarischen Ereigniffe, die Ludwigs XIV. Chrgeig und Berrichsucht ju Anfang der fiebziger Sahre hervorrief, an einer andern Stelle tennen gelernt und erfahren, welchen Untheil ber große Rurfürft daran batte, ber Einzige, bem bes Baterlandes Mighandlung ju Bergen ging und ber mit flarem ftaatsmannischen Blid von Anfang an die von der ungezügelten Groberungeluft Frankreichs brobenden Gefahren erkannte. Er allein unter ben europaischen Mächten nahm fich der bedrangten Republit Golland an, und trieb den Raifer widerwillig und mit halbem Bergen in den Reichstrieg gegen Franfreich binein. Daß die deutschen Baffen bem übermächtigen Reind gegenüber fo wenig Erfolge errangen, mar nicht bie Schuld bes thatfraftigen Rurfurften, ber bie labme Ariegführung und den allgemeinen Mangel an Nationalfinn und Baterlandeliebe bitter genug einpfand.

Die schweblisse Arifor Bahrend ber Kurfürst im Clfas und am Oberrhein den Heeren Ludwigs XIV. gegenblisse Arifor franze in überstand, gelang der französischen Staatskunst jenes Meisterstad, das uns bereits bekannt
französischen ift. Es galt den entschlossensen und eifrigsten Gegner vom Archeber abzuziehen, und
dazu schien das beste Mittel, die Schweben zu einem Ginsal in die Mark zu veranlassen.

dazu schien das beste Mittel, die Schweden zu einem Einsall in die Mark zu veranlassen. In Schweden war die französischgesinnte Partei, an deren Spize der Reichstanzler Magnus de la Gardie stand, seite alten Beiten mächtig und schon Jahre lang siosen französische Benstonen und Subsidien ins Land. Schon im April 1672 war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Schweden ein Bertrag geschlossen worden, worin die beiden Kronen sich den Bests der deutschen Erwerbungen gegenseitig gewährleisteten und das nordische Reich gegen ansehnliche Subsidien insbesondere zu bewassneten Einschreiten im Krieg gegen die Hollander sich verpsichtete, wenn den lehtern von einer andern Macht Hüsse geleistet werde. Am liebsten wäre man freilich in Stockholm neutral geblieben und hätte die Hüsselber dennoch bezogen, wie es auch in der That mehrsach gelungen war. Die schwedische Regierung hatte Ansanzsgehosst, sich mit einer Friedensvermittelung begnügen zu können; allein sie wurde gegen ihren Willen weiter gedrängt. "Sie hatte sich in luftigen Kriegsbildern bewegt, um ihren Bedürsnissen abzuhelsen, die die schreckliche Wirtlichseit im ungünstigsten Augenblid über sie einbrach. In der drüdendsten Geldverlegenheit, mit einem ungeordneten Behrspstem und unter einer überhand nehmenden Schassbeit in der ganzen Bewoaltung

ging Schweben in einen Rrieg, welcher nicht einmal wie bie fruberen fur ben eigenen, sondern zu Frankreichs Bortheil geführt wurde". Das war der Sluch der traditionellen fomedischen Subfidienpolitit. Als jest die frangofischen Diplomaten ernftlich mit der Einstellung der Bablungen brobten und an die bertragsmäßigen Berpflichtungen erinnerten, mußte Schweden bem Drangen Folge leiften. Bogernd und bebachtig ichritt man ju Beindseligkeiten; man meinte anfangs nur eine Preffion auszullben, den Rurfürften jum Rudjug bom Reichsheer ju verantaffen; aber es murbe balb ernfter, als man in Stodholm borgehabt.

Unter dem Borgeben, fie tamen nicht als Feinde und wurden gleich nach Ginfall ber ber Rudtehr bes Aurfürsten aus bem Glas beffen Gebiet raumen, zogen schwes bie Mart. bifche Regimenter unter bem altereichwachen Reibmarichall Rarl Guftav Brangel Deeter. 1674. aus bem Bremifchen und Bommern in Die Utermart ein und ichicken fich an. bier Binterquartiere an nehmen. Sie traten Unfangs mit größter Schonung und Milbe auf und vermieden alle Feindseligkeiten, wie denn auch ber Statthalter der Rurmart, Fürft Johann Georg von Anhalt-Deffau, den ungebetenen Gaften keinen Biberftand leistete, boch aber die verfügbaren Truvven aufammenjog und bie feften Blate in Bertheibigungsftand feste. Allein lange ließ fich der sonderbare Buftand amischen Freundschaft und Reindschaft nicht aufrecht balten. Die Schweben breiteten fich immer weiter in ber Mart ans und erhoben Steuern und Rriegsleiftungen; es tam balb zu offenen Feindseligfeiten, Gewaltthaten, Plunderungen, namentlich als an bes franten Feldmarichalls Stelle fein Stiefbruder Bolmar Brangel trat und ben frangofifchen Ginflufterungen mehr Behör ichentte. Es begann nun in bem mald- und fumpfreichen Sande ein erbitterter Parteigangerfrieg. Die schwedische Solbatesca übte balb wieber alle jene Erpreffungen und Gräuel, Die wir aus ber Geschichte bes breißigjahrigen Rrieges tennen; voll Ingrimm erhoben fich bie Bauern und wehrten bas gunellofe Rriegevoll auf eigene Sand ab, fo gut es ging. Das entgalten bann wieder bie Schweben mit erhöhten Difhandlungen. Roch fleht man ba und bort, als Erinnerung an jenen Guerillatrieg, in martifchen Rirchen Die Fahnen, unter benen die Bauernhaufen auf eigenen Antrieb ins Reld rudten; unter bem rothen brandenburgischen Abler fteht die Inschrift: "Bir find Bauern von geringem But, und bienen unferm gnabigften Rurfürften und herrn mit unferen Blut". Die Schweben waren balb im Befit bes gangen Savellandes bis bor Spandau Mai. Juni und Berlin; die brei wichtigften Savelpaffe, Brandenburg, Rathenow und Savelberg, maren in ihrer Band; icon fchickten fle fich an, die Elbe ju überichreiten und bem frangofifch gefinnten Bergog von Sannover bie Sand zu reichen.

Die Gefahr mar aufs Meußerfte geftiegen; aber ber Retter war nicht mehr Der Aurfürft ferne. In seinen Quartieren am Oberrhein hatte ber Anrfürst bie Runde von dem Bordringen der Schweden vernommen. Er scheint durch die Rachricht teineswegs betroffen ober fcmerglich berührt worben gu fein. Seine alten Plane, diese Feinde vom deutschen Boben zu treiben, tauchten alsbald wieder auf. "Das fann ben Schweben Bommern toften" war fein erftes Bort. Dort war Schlachten-

ruhm und Ländergewinn zu erwerben; bort war ein ehrenhafter Arieg zu führen, mabrend am Rhein im Bunde mit Defterreich nur Demuthigung und Schmach ju bolen mar. Gleichwohl übereilte fich der tlug berechnende Furft nicht mit ber Rudfehr in seine Lande; batte er alebalb vom Rrieg gegen Frankreich abgelaffen, fo hatten ohne 3weifel die Schweden fein Gebiet ohne weitere Feindseligfeiten wieder geräumt. Die Diversion war ja ursprünglich nur bas Biel bes Einfalls. Der Rurfürst aber wollte ben alten Streit diesmal ausfechten; ein ehrenvollerer Anlaß, mit Schweden grundlich abzurechnen, tonnte fich nicht bieten. Bimächst ließ er wieber alle diplomatischen Faben spielen; an ben Raifer, an bie Reichsfürsten, an Solland, Danemart, England mandte er fich um Unterftütung; allein er fand überall fühle Abweisung oder doch wenig Ernst und Aufrichtigfeit.

Mai 1675. Der Aurfürft ging felbft nach bem Baag und erhielt bort auch die Buficherung von Sulfe gur See, wie auch einige benachbarte beutsche Fürften in Bremen einzufallen bereit waren. Allein im Befentlichen mußte ber Brandenburger boch auf feine eigene Rraft vertrauen. In aller Stille wurden nun die Borbereitungen getroffen; das Beer hatte fich in den frantischen Quartieren erholt und burch neue Berbungen verstärtt. Ende Mai wurde ber Marich über ben Thuringer

21. Juni. Balb angetreten; balb mar Magbeburg erreicht, und unaufhaltsam ging et weiter, die Reiterei und ein auserlesenes Fusbolt auf Bagen voran, auf grund. lofen Strafen, burch ftromenden Regen. Es galt die fcwebische Linie an ber Savel burch einen plotlichen Ueberfall zu durchbrechen, die getrennten Beergb. theilungen an der Bereinigung ju hindern und fie einzeln zu schlagen. Ueberfall v. Schweben hatten nicht die mindeste Runde von dem Heranruden ber Branden.

burger; bas rafche Borgeben ber fcneibigen Rriegemanner war bom beften

Erfolge gefront. In aller Stille gelangten fie bor Rathenow, den Mittelbunft 26. Juni ber schwedischen Aufstellung, und ein fühner Sandstreich lieferte ben wichtigen Savelpag in die Gewalt des Rurfürsten. Der Maricall Derfflinger, Damals ein Mann von fast fiebzig Jahren, gewann, indem er fich für einen fluchtigen ichmedischen Offizier ausgab, die Savelbrude; gleichzeitig brangen andere Truppenabtbeilungen unter bem Rurfürften felbft und feinen beften Generalen pon verschiedenen Seiten in die Stadt; es entbrannte ein wilder Strafentampf und nach anderthalbstundigem Gefechte war die finnische Besatzung vollstandig nieder. gehauen und zersprengt. Das war der in der preußischen Rriegsgeschichte vielgefeierte Ueberfall von Rathenom, ber die beiben Flügel des schwedischen Beeres in Savelberg und Brandenburg aus einanderriß. Es galt nun, ihre Bereinigung zu hindern, ihre Trennung zu benugen.

Schlacht bei Rebrbellin

Babrend die beiden schwedischen Sauptcorps ben Rudzug antraten, um binter bem Flüßchen Rhin ihre Bereinigung zu vollzieben, schickte ber Rurfürft tleine Streifschaaren voraus, welchen es gelang, die Baffe bei Fehrbellin, Aremmen und Oranienburg zu zerstören oder zu besethen. Ohne die Ankunft feines Fusboltes abzumarten, das zum größten Theil noch von Magdeburg ber

im Anmariche war, feste ber rafche Aurfürft ben abziehenden Feinden nach. Die brandenburgische Borbut, 1500 Reiter unter bem Landerafen Friedrich von Beffen Somburg "mit dem filbernen Bein", erreichte benn auch bald ben Rachtrab der bom General Brangel befehligten schwedischen Sauptmacht bei bem Dorfe Linum, eine halbe Deile von Fehrbellin, und ließ fich sofort in ein 28. Juni. Gefecht ein. Der Rurfürft ftand noch weiter jurud und hatte ben Landgrafen a. Gt.) 1875. angewiesen, vorläufig ben Rampf nicht zu beginnen. Alls er aber vernahm, baß homburg tropbem mit ben Reinden bereits handgemein geworden, zog er fchkunig gur Berftartung beran; es war freilich faft mur Reiterei, fünftaufend Dann, die er bem boppelt überlegenen ichwedischen Beere entgegensehen konnte. Bier, bei ben Dörfern Linum und hatenberg, entbrannte nun jener erbitterte Rampf, der nach dem nahen Fehrbellin benannt, in der brandenburgischen Rriegsgeschichte eine ewig bentwürdige Stelle einnimmt. Auch hier wieder zeichnete fich ber alte Derfflinger bor Allen aus; indem er die wichtigste Bofition, einen Bugel bei Sakenberg, befette, gab er recht eigentlich den Ausschlag; um diesen Bugel, von bem aus einige brandenburgifche Gefchute ein febr wirtfames Zeuer eröffneten, entbrannte ein morberifcher Rampf; allein bie Brandenburger bielten ben gewaltigen Sturmen am Ende boch Stand. Der Oberft von Morner wurde erschoffen, ber Aurfürst selbst gerieth mitten ins Sandgemenge mit ichwedischen Reitern; dicht neben ihm fiel fein Stallmeifter Emanuel Froben; einer spatern unbeglaubigten Ergablung ju Folge hatte er mit feinem Beren bas Pferd getauscht, weil er bemerkt hatte, daß die Feinde nach bem Schimmel des Rurfürften mit besonderem Gifer feuerten. Rach einem mehrftundigen über die Magen wilden und erbitterten Rampfe behaupteten, trot aller Tapferteit ber alten fcmebifchen Regimenter, die Brandenburger ihre Stellung; mit bem Reft eines zerfprengten, gelichteten, erschöpften Beeres erreichte Brangel Fehrbellin und die Rhinbrude; eine weitere Berfolgung konnte auch ber Aurfürft nicht magen.

"Das ganze Unternehmen", sagt Erdmannsbörfer, "von dem scharfen Ritt aus Franken her durch das Reich die zum Siege bei Fehrbellin war nur ein einziges Borstürmen ohne Athemholen gewesen; elf Tage lang hatten zulett die brandenburglichen Reiter nicht abgesattelt. Belch andere Art der Ariegsführung dies, als soeben noch die unglückliche Campagne im Clsab, mit ihren sehlgebornen Schlachten, mit ihren ftrategischen Aunsteleien, mit ihren demathligenden Erfolgen. Das war seit langem einmal wieder eine deutsche Ariegsthat ganz aus Sturm und Beuer gewirkt, die alte ssuria tedescaa hatte gezeigt, daß sie noch lebte, und bald erklangen weithin die Lieder von der Schlacht bei Fehrbellin und von dem Sieger, den man von hier an den großen Aurfürsten zu nennen psiegte". Die Bolkssage hat die herrliche Ariegsthat mit einer Menge romantischer Büge und anekotenartiger Erzählungen ausgeschmüdt, und der patriotische Stolz der nachsolgenden Geschlechter hat sich ganz besonders an dieser Begebenheit ausgerichtet. Bar es doch seit langer Beit der erste deutsche Schlachtensieg, nicht mit ausländischer Hulle und um fremder Interssen villen ersochen, sondern in rühmlicher Berkbeidigung des vaterländischen Bodens gegen fremden Angeriss. In jenen Zeiten der nationalen

Schmach und Bebrudung tonnte ber gehrbelliner Sieg als bas Morgentoth einer beffern Butunft angefeben werben.

Bunbniffe

Schon am folgenden Sage, nachdem einige Berftartung eingetroffen, festen Soweben die Brandenburger ben Feldzug fort. Sehrbellin felbft wurde genommen; ber flüchtige Reft bes ichmebischen Geeres vereinigte fic endlich bei Bittftod mit ben andern Flügel, ben Marichall Brangel, ber Bruder bes bei Behrbellin geschlagenen Generals, befehligte. Die Schweden tonnten fich nicht mehr im Lande balten; fie zogen burch bas Medlenburgifche nach Bismar, in voller Auflöfung; die einbeimischen Ernopen waren furchtbat gelichtet; die geworbenen riffen maffenhaft aus. Allein mit ber Bertreibung ber Reinde bom brandenburgifchen Boben war das Biel des Feldaugs nicht erreicht; der einzig würdige Preis bes glotreichen Gieges war nach bes Aurfürsten Meinung bie völlige Berbrangung ber Schweden von ber bentichen Erbe, die Befitzergreifung der großen Strommunbungen. Raifer Leopold ertlarte jest endlich die Schweben für Reichsfeinde, fagte Reichstfülfe gum ferneren Rriege gu, fandte auch eine Truppenabtheilung unter bem General Cob durch Schleffen jum Beistand; im Grunde aber war a eifersuchtig auf die Erfolge bes Aurfürften und mistranisch gegen beffen Bergrößerungeblane und wirfte ibm, foviel er konnte, entgegen. Die norddeutiden Fürfien fuchten ihrerfeits fich einen Antheil an der Beute ju fichern. Der friegerifche Bifchof von Manfter, Bernhard von Galen, befette im Bund mit den Rurfürften bas Bremeniche; Die Bergoge von Sannover und Laneburg ichloffen nich bem Bunde gegen Schweben an und entwarfen Theilungsvertrage über bas Berzogthum Bremen, bas von bem ichwebischen General Beinrich Horn mit feiner geringen Truppenmacht bis auf wenige feste Blate fast ohne Biberftand geräumt wurde. Gleichzeitig trat auch Danemart in die Bereinigung gegen Schweden ein und verftandigte fich mit bem Rurfürften über die Bertheilung ber schwedischen Brovinzen, die man gemeinsam erobern wollte. Allein unter den Berbundeten herrichte viel Bwietracht, Gifersucht und Migtrauen, Die anderm möchten von ber Beute zu viel erhalten. Die Mitfimmung flieg oft fo bod, bag man taum mehr mußte, wer Freund oder Feind fei.

Arieg in Under diefen Berhandlungen, welche bem Rrieg eine erweiterte Ausbehnung gaben. Bommern. vergingen mehrere Monate. Erft im Spatherbft wurden die militarifden Operationen ernfilich wieder aufgenommen. Es galt nun, die Schweden aus Sommern ju treiben. Dit. 1675. General Bogislam von Schwerin erftilrmte Bollin und Swinemunde; der Aurfunk felbst drangte, im Bunde mit Danemart, die Schweden bis Stralfund gurud und 24. Deebr. nahm Bolgaft; nach harter Belagerung eroberten die Danen Bismar. Dann ermannten Ban- 1676. fich auch die Schweden wieder; General Marbefeld nahm Swinemunde aufs nem und versuchte mehrere, jedoch erfolglose Stürme auf Bolgaft. Im folgendem Comme begann bas Ariegetreiben in Bommern mit erneuter heftigleit. Gin großer Erfolg mar Mug. 1676. Die Geoberung der ftarten fowebifden Seftung Antiam burch bie Berbftabeten.

Die Danen Much die Blotte, auf der bie hoffnung Schwedens berutte, rechtfertigte die Gr Schweben wartungen nicht. Sie bermochte nicht die Bereinigung der bollandifchen und ber banifcha Juni 1676. Seemacht zu hindern und erlitt bei Deland eine empfindliche Riederlage. Seitbem warn bie Beinde Berren ber See und hinderten die Berbindung mit dem deutschen Rriegsschauplat ; man mußte einen Ginfall in Schonen und Salland erwarten als Entgelt für bie fomebifchen Landungen auf Seeland; durch bas gange Bolt ging Gabrung und Unzufriedenheit, der junge Ronig Rari XI. war rathlos, niedergeschlagen, verzweifelt; man glaubte bor bem Untergang Schwebens ju fteben. Die Danen faumten benn auch nicht, die Berlegenheit des Feindes fich ju Ruge ju machen und 16,000 Mann ftart unter Konig Christian V. felbst, an der Rufte von Schonen, in ihren fruheren Besitzungen, ju landen. In Schonen erwachte die alte Ergebenheit an die danische Krone aufs Reue; helfingborg , Landstrona, Chriftianftadt fielen. Der banifche Adel des Landes lief 3uli 1878. nd in verratherifde Berbindungen mit dem früheren Berrn ein ; in den Baldern rotteten fic die "Schnapphähne" ausammen und führten auf eigene Saud den kleinen Arieg gegen Someden, überall gegenwartig und bochft gefahrlich und babei nirgends ju faffen. Bleichzeitig rudte ein anderes heer von Rorwegen aus in Bohuslan ein und überfowenmte gang Bestergotland. Bei Salm ftad zeigte fich jedoch noch einmal die alte Ausritterliche Tapferteit ber Schweden. Ronig Rarl XI., der einen tollfuhnen Muth bewies, leitete ben Angriff, ber mit ber Berfprengung und Gefangennahme bes banifden bertes endete. Der unermudlichen Thatigkeit bes Ronigs gelang es bann, in ben entlogeneren Theilen des Reichs die Bauern unter die Baffen zu rufen und bald ein Deer von gegen 15,000 Mann um fich zu vereinigen. Das Glud wechfelte rafch in diefen Rriegen, wo fo oft eine gufällige fleine Uebermacht, ein gelungener Sandftreich ober Ueberfall die Entscheidung eines gangen Feldzugs mit fich brachte. Der Schwedenkonig, beffen Feuereifer auch ber bereinbrechenbe Binter nicht abfühlte, jog jest wieder in Schonen ein und bet Lund, ber alten Bifchofffadt, wo die bormundschaftliche Regierung vor gehm Sahren eine Univerfitat gestiftet, tam es ju einer gewaltigen Schlacht. Das fowebifche Beer, bom Feldmarfcall Belmfelbt und unter ihm bon Afcheberg be- Derbr. 1676. fehligt, verleugnete auch diesmal seine alte Rriegsschule und tactische Ueberlegenheit nicht, tropbem es an Bahl und Ausruftung bem banifchen nachstand. Rarl erfüllte alle Pflichten eines tapfern Soldaten und umfichtigen Felbheren. Dreimal glaubte jede Bartei fich bes Sieges fcon gewiß, fo wogte die Entscheidung bin und wider in diefer großen und blutigen Schlacht. Um Ende bebielten die Schweden bas Uebergewicht, ein glanzender Lichtblid in einer traurigen Beit, da man an der Butunft des Reiches fcon ju verzweifeln begonnen. Das fdwedifche heer mar ebenfalls fo gefdmacht, daß eine Auhepause im Ariege eintreten mußte. Rur ben "Schnapphahnen" wurde jest ernftlich das Handwerk gelegt und die Bauern, die das Treiben der wilden Gesellen begunftigt, mit Strenge zum Gehorfam gurudgeführt. Im nachften Sommer brach ber Rrieg mit erneuter heftigleit aus. Die Danen zogen mit gewaltiger heeresmacht vor Malmo, Juni 1077. die wichtigfte Festung in Schonen, wurden aber bei dem Bersuch, die Stadt zu fturmen, bon der tapfern Befatung mit fcmeren Berluften gurudgefclagen. Dagegen erlitt bie ihwedische Blotte, die in Pommern landen follte, wiederum eine Riederlage in Rioge- Juli. Bugt; die vereinigten Sollander und Danen beberrichten aufs nene die See und binderten die Berbindung mit bem beutichen Ertegefchauplay. Das Baffenglud fowantte hin und her; zue See war es weift den Danen, zu Lande den Schweden gunftig. Auch die Schlacht bei Landstrona, wo ber geldmarfcall Belinfeldt fiel, entichied für Juli. Konig Rart XI. Dagegen nahmen in Bestergotland, wo eine andere banifche Armee unter Gulbentow operitte, die Dinge eine bedrobliche Bendung ; der Reichstangler de la Gardie selbst wurde bei Uddevalla überrascht und aupfindlich aufs haupt geschlagen. Ang. Auch im folgenden Jahre noch dauerte der Krieg innerhalb der schwedischen Grenzen fort und jog fich hauptfächlich um die beiden Beftungen Chriftianftadt und Bobus jufammen; mabrend Ronig Rarl felbft die erftere jur Capitulation amang, entfeste Guftav Dito Aug. 1678.

Stenbod die hartumlagerte Feste Bohus und vertrieb die Feinde aus jenen Segenden. Bu einer wirflichen Entscheidung abet wollte es tropbem nicht tommen.

Stettin unb Das Streben bes Rurfürsten war seit lange por Allem barauf gerichtet, ber gang Bems mern ers Stadt Stettin, des wichtigsten Stutypunktes der schwedischen B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Meifter zu werden. Der festen Stadt hatte man bisber vergeblich burch banische und hollanbische Geschwader von ber Seeseite beizutommen gefucht; eine ichwedische Besatung und die Burgerichaft felbst leiftete entschloffenen Biderstand. 3m Sommer 1677 zog nun der Rurfürst alle verfügbaren Truppen, auch luneburgide, munfteriche, banifche Bulfeichaaren, um die tropige Seeburg aufainmen und eröffnete ein heftiges und gerftorendes Geschutfeuer. Eros ber Bug, bie argsten Bedrangnis hielt fich bie Stadt monatelang, und als fie endlich die Decbr. 1877. Baffen ftredte, mar fie ein rauchender Schutthaufen. Der Aurfürst habe von denen, die jest seine Unterthanen werden wollten, eine Probe ber tunftigen Singebung erwarten burfen, außerten die Abgeordneten ber Burgerichaft nach ber Uebergabe. Die Berhandlungen bes Friedenscongreffes zu Rommegen, Die bon Anfang an für den Rurfürsten eine fo ungunstige Bendung nahmen, Die großer Fragen der allgemeinen Politit, die in engstem Busammenhang bestimmend auf alle Creigniffe des europäischen Belttheaters einwirften, verfümmerten freilich am Ende bem Rurfürften die Fruchte aller feiner Rriegsthaten und belbenmuthigen Anstrengungen. Doch aber ließ er, in ber hoffnung, wenigstens einen Theil der Eroberungen zu bauerndem Gewinn zu behalten, von dem Borfat nicht ab, die nordischen Eindringlinge boin beutschen Boben völlig ju verbrangen. Schweben waren nach Stettins Fall in Pommern auf ben mestlichen Binkel beschränkt. Dabin wandte fich nun ber Rurfürst. Die Insel Rugen fiel nach Sept. 1678. turgem Biberftand in feine Banbe, ale er mit feinen Relbherrn Derfflinger, Gos und Schöning auf einer fleinen, von dem berühmten Admiral Tromp geleiteten Klotte babin absegelte; ber tapfere schwedische General Ronigsmart marf fic nun in das feste Stralfund. Und auch diese Stadt, die vor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bem fiegreichen Ballenftein einen unüberwindlichen Biderftand ent-22. Dit. gegengesett, jog die weiße Fahne auf, als bas furchtbare brandenburgische Ge-Novbe. fcut feine Birfung that. Im nachsten Monat ergab fich auch Greifsmald,

Der Krieg in Bas den Schweden auf der einen Seite so schlecht ausgefallen war, wiederholten Breußen fie jest auf einer andern. Schon einige Beit hatte König Karl XI. im Einvernehmen mit den französischen Staatsmannern, welche den Kurfürsten noch länger im Oken sestiguhalten und vom Rheine abzuziehen suchten, einen Einfall von dem schwedischen Livland in das herzogliche Preußen geplant. In dem Lande gab es von der Errichtung der Souveränetät her noch Unzufriedenheit und Sährung genug und der unter den Kriegsereignissen anhaltende oder vermehrte Steuerdruck war nicht geeignet, die Stimmung zu bessern. Der König von Polen, Iohann Sobiesty, stand schon lange zu Frankreich in engen Beziehungen und eine mächtige Partei an seinem Hose schürk in

jabrigen Rriege mar babin.

ber lette schwedische Besit in Pommern; Die ganze Frucht aus bem dreißig-

frangöstichem und fcwedischem Interesse jum Krieg gegen ben Kurfürsten. Es tam nun ein Bundniß zwifchen Bolen und Schweben zu Stande, worin die Anzahl der beiberfeitigen Ang. 1877. Truppen und die Theilung der Eroberungen festgesetst war; allein als die Erpedition fich mehr und mehr verzögerte, verlor Ronig Johann die Buft, fich mit bem Unternehmen gu befassen. Sinftweilen gestattete er, daß im königlichen Preußen durch den Marquis von Bethune Eruppen geworben wurden, um die Schweden bei dem beabfichtigten Einfall au unterftugen und ben Brandenburgern ben Uebergang über die Beichfel gu wehren. Der Aufflieft war in einer fcwierigen Lage: Mit Schweben im offenen Rampf, mit Volen in langjähriger Spammung, von den Franzosen in seinen Clevischen Bestyungen bedroht und verlaffen von allen Bundesgenoffen, die um jene Beit ihren Frieden mit Frankreich foloffen. Allein der tapfere Aurfürst verzogte nicht. Im Spatherbst rudte der schwedische General Rov. 1678. heinrich Born, gegen die preußische Grenge vor und gelangte bald bis Tilfit, Inflerburg und Beblan, ohne das die folechtbewaffnete und ungenbte Landmiliz Biderftand geleistet hatte; es fehlte fogar nicht an landesverratherischen Berbindungen mit den Der Rurfürft schidte alsbald die verfügbaren Eruppen unter dem General Sorgte voraus, um Rönigsberg ju beden, und jog bann in der grimmigen Wintertalte folbft an die Oftgrenge feines Reichs, mit ihm die alten bewahrten Geerführer, Jan. 1679. Derfflinger, Schoning u. A. Im toniglichen Preugen ließ er die ftrengfte Manuspucht halten, um die Polen nicht jum Arieg zu reigen. Auf die Kunde von seiner Ankunft wichen die Schweden, von Kalte und Mangel schwer mitgenommen und der erwarteten polnischen Gulfe beraubt, ichon wieder jurud. Die brandenburgische Reiterei folgte ihnen auf ber Berfe nach, mit ihr die erlefenften gustruppen, ber Schnelligkeit halber auf Schlitten fortgeschafft. Das war die berühmte bewaffnete Schlittenfahrt", ein Beldzug voll unerhörter Drangfale, in einem unwegfamen, dürftig bevölferten und wenig Rahrung bietenden Lande, in eifiger Bintertalte. Quer über das gefrorene frifche und turifde Saff ging die wilde Jagd nach Königsberg und Alfit, die Generale Gorgte und henning von Treffenfeld immer voran; ber Rudjug ber Schweben, die abermals durch die brandenburgifche Schnelligkeit in Bestürzung gerathen, wurde immer fluchtahnlicher und zuchtlofer. Eine eigentliche Schlacht gab es nicht auf diefem geldzug, aber jablreiche fleine Gefechte und unerhörte Stradagen aller Art, die mehr Menichen megrafften als bas Schwerdt. Beichen, gurudgelaffene Gefchuse, weggeworfene Baffen bezeichneten ben Beg. Mit taum 1500 Mann gelangte horn endlich nach Riga, bis unter Bebr. 1679. bie Rauern biefer Stadt bon ben brandenburgifden Reitern verfolat.

So waren die Schweden in zwei großen Feldzügen niedergeworfen. Aber Erleben von die herrlichen Wassenthaten brachten keine Frucht. Als Kaiser und Reich den watn. schimpslichen Frieden zu Kymwegen mit Frankreich abschlossen und dem höhepunkt seiner Macht stehende Ludwig XIV. gedieterisch die Beendigung des Kriegs verlangte, mußte auch der Kurfürst nachgeben (S. 398). Die Pariser Staatsmänner beharrten dabei, das verbündete Schweden in seinem vollen Besitz berzuskellen, die französischen Heere bedrängten die rheinischen Besitzungen des Kursursten aufs Aeußerste und drohten, wenn nicht alsbald Friede geschlossen werde, mit aller Macht die brandenburgischen Kernlande anzugreisen. Schritt sur Schritt und schweren Herzens mußte der geheime Rath Meinders, der brandenburgische Unterhändler, von seinen Ansprüchen zurückweichen. Selbst Stettin, bessen Besitz der Lieblingswunsch des Kurfürsten gewesen, war nicht zu halten, auch nicht für das Angebot, Cleve an Frankreich abzutreten.

29. Juni 1679. So murbe benn ber Friede mit Frantreid und Schweben ju St. Germain en Labe gefchloffen. Der Aurfürft mußte alle pommerfchen Groberungen berausgebin, mit Ausnahme einiger ganz unbedeutenden Landstriche auf bem rechten Oderufer; jum Erfat des erlittenen Schadens erhielt er von Frankreich eine durftige Gelbsumme. 6. Dit. 1879. Einige Monate fpater ichloffen auch Danemart und Schweden den Frieden von Lund. der die territorialen Festsetzungen des Ropenhagener Bertrags (S. 615) bestätigte, und bie Frangofen rauniten nach und nach bas Mindenfche und Clevifche Gebiet. Das mar bie gange Frucht ber ruhmvollen Rriegsthaten von gehrbellin bis Riga. Schmerzes unterzeichnete ber Rurfürft den Bertrag. "Es ift gut, auf ben herrn bettrauen und fich nicht verlaffen auf Menschen" war der Tegt der Friedenspredigt. Branbenburg hatte Urfache, fich biefes Bibelwortes ju erinnern; waren ihm doch durch die Unzuberläffigkeit und Schwäche der Bundesgenoffen alle Baffenthaten zum Unbeil aus gefchlagen. Der Raifer felbft begunftigte Die frangofifche Restitutionspolitit. \_dem d ftebe feiner Maj. nicht an", außerte ein taiferlicher Minifter, "daß fich ein neuer Konig ber Bandalen an der Oftfee erhebe". Die bittern Erfahrungen, Die der Rurfurft beim Rymmeger Frieden machte, und die folimmen Fruchte, die ihm bisher feine Theilnahm an den Reichstriegen wider Frankreich eingebracht, erklaren es zur Genüge, daß auch Brandenburg den ferneren Uebergriffen Ludwigs XIV. gleichgültig aufab.

## 5. Die letten Lebensjahre des großen Kurfürsten.

Saudliche Berhaltniffe.

Rach dem Tode der oranischen Luife, an der er Beitlebens mit größter Berehrung gehangen (+ 1667), hatte fich der Rurfürst mit Dorothea, einer Bringeffin bon balftein-Gludeburg, verwittweten Bergogin von Luneburg, vermablt, die ihm aber die treffliche erfte Gemablin nicht erfegen tonnte. Im turfürftlichen Saufe berrichte, feit aus ben beiden Chen Rinder vorhanden waren, mannichfach Unfrieden und Gifersucht "Daß die Aurfürstin hierbei die gehäßige Rolle gespielt habe, die man ihr aufdreibt". fagt Rante, "dafür findet fich teinerlei Beweis. Sie liebte in dem Saufe zu berrichen und zu malten : fie wollte ihre eigenen Rinder fo gut wie immer möglich berforgen; aber darum hat fie ihre Stieffohne nicht gehaßt noch verfolgt. Der Rurfurft rubmt einmal die mutterliche Sorgfalt, die fie fur feine fammtlichen Rinder an den Sag loge Den nachsten Unlag ju dem Digbergnugen bes Rurpringen gab der Rurfurft felbft. Das große Berdienft, das er befaß, fein Anfeben in der Belt, feine geiftige Ueberlegenbat und der natürliche Bug der meiften Regenten, ihren Rachfolgern gegenüber ihre Autoritat ungeschmalert zu erhalten, mag bazu beigetragen haben, baß er ben Rurpringa. ber einen aufftrebenden Geift in fich nahrte, mit einer gewiffen gurudweifenden barte behandelte; wenigstens flagt diefer felbst darüber".

Bater unb

Eine hauptfächliche Quelle bes Unfriedens gwifchen bem Rurfürften und bem Gogn. Bringen Friedrich, dem Thronerben nach dem ploglicen Lod des alteren Rarl Emil (+ 7. Dezbr. 1674) war des ersteren Borfat, wider die Sausvertrage und die nature liche gefunde Staatellugheit, den nachgebornen Sohnen gesonderte Provinzen als regierenden herren auguweifen. Bas immer für Urfachen gufammengetommen fein mogen: bie Stellung amifchen bem Bater und bem alteften Sohn und deffen Berhaltnis pu feiner Stiefmutter mar in den letten Lebensjahren des Rurfürsten außerft gefpannt. Der Argwohn jener Beit, der gleich mit dem schwärzesten Berdacht bei der Sand mar. forieb der Aurfürstin Dorothea fogar einen Bergiftungsversuch gegen den Pringen gu. wie denn auch der plogliche Tod feines Bruders Ludwig der Berleumdung neue Rab

1687. rung gab. Es tam foweit, daß der Rurpring fich außer Landes, enach Raffel, flüchit. und nach Clebe geben zu wollen erklarte, was den Bater bermaßen verbroß, bag er der

Sohn enterben wollte. 3war wurde durch die Bermittelung von Cherhard Dandelmann, dem Erzieher und vertrauteften Rath des Bringen, eine Berfohnung hergestellt und der Thronfolger tehrte nach Berlin zurud. Allein das Testament wurde tropbem nicht umgeftoben.

Rachdem früher schon mehrere berartige Bermachtniffe abgefaßt waren, vollzog Das Teftaber Aurfürst seinen letten Billen unter Bestätigung des Raifers in einem Testamente, großen Aurbas man nur als Erzeugniß eines altersschwachen muden Geistes oder als Aussluß über- fürsten.
9. Bebr. 1686. großer Baterliebe beklagen tann. Berichiedene Stude det Staatsgebiets, Minden, Sals berftadt, Ravensberg u. A., wurden den nachgebornen Sohnen als unabhängige Terris torien angewiesen, wenn auch bas Ariegs- und Steuerwesen und die Bertretung auf dem Reichstage in der hand des tunftigen Aurfürsten vereinigt bleiben follte. Es war freilich fur jene Beit, da bas Recht der Brimogenitur noch feineswegs ein fest und allgemein anerkannter ftaatsrechtlicher Grundfas war und auch die Landesherricaft viels fach gleich einem privatrechtlichen Befit aufgefaßt wurde, nicht leicht, die ftandesgemäße Ausftattung nachgeborner Sohne mit bem Pringip bes untheilbaren Staatsgangen in Einklang ju bringen, und der Rurfürft glaubte, durch die felbständige Anweifung bon Land und Leuten an die jungern Sohne die Ginheit des Staats nicht zu gefahrden, da ja in den hauptfachlichften Functionen des Staatslebens die Sobeit des Aelteften gewahrt Doch aber mar das Bermachtniß des großen Rurfürsten ein Abfall bon der brandenburgifchen Exadition und feinen eigenen politischen Grundfagen und hatte, wenn B jur Ausführung getommen mare, nur gur Loderung der taum gegrundeten Staatseinheit beitragen tonnen.

In den letten Lebensjahren des Aurfürsten tam mit dem Raifer ein Abtommen Auseinanders ju Stande, welches damals vielleicht eine febr weittragende Bedeutung nicht befaß, aber bem Raifer rine Angelegenheit betraf, die in der Folge noch ju den gewaltigften Berwidlungen führen über bie Es handelte fic um die feit mehr als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ichwebenden Anfpruche. Differenzen über die schlefischen Ansprüche. Brandenburg behauptete nicht nur forts vährend fein Recht auf bas traft einer Erbverbrüderung Brandenburg guftebende, bon Defterreich aber eingezogene und bem Fürsten von Lichtenstein verliehene Bergogthum Jagerndorf (XI., 1037), sondern auch bei dem Aussterben des piaftischen Saufes in Liegnis (1675) auf Grund eines von Rurfürft Joachim II. gefchloffenen Erbverrags (vom Jahr 1545) auf die brei Bergogthumer Liegnis, Brieg und Boblau. Die bohmische Krone hatte die piastische Erbverbrüderung nie anerkannt und gestügt auf diefen zweifelhaften faatbrechtlichen Grund hatte Defterreich die Fürstenthumer als eredigte Reichsleben in Befit genommen. Fur Jagerndorf war man am Biener hof bereit, allenfalls eine Entschädigung ju geben, namentlich als die Turkenkriege den Kaifer Leopold nöthigten sich nach brandenburgischer Hulfe umzusehen. Es tam nun ju Berlin ein geheimer Allianzbertrag ju Stande, in welchem Defterreich einen Meinen 22. Darg Zandftrich, ben Schwiebufer Rreis, abtrat, Brandenburg bagegen nicht nur feinen veiteren ichlefischen Unspruchen entfagte, fondern auch das engste Bundniß mit dem Raifer einging. Sie versprachen fich gegenseitige Hulfeleistung, falls Giner feindlich anjegriffen werben follte; ber Rurfurft follte, um ju biefem 3med eine ftarte Rriegs. nannicaft erhalten ju tonnen, öfterreichifche Subfibien beziehen, und versprach bafur, bei einer Raifermahl feine Stimme einem Erzherzog ju geben und bei ber bevorftebenden Erledigung der spanischen Erbschaft die Rechte der deutschen Linie verfechten zu helfen. In Folge dieses Bertrags zogen in demselben Jahre 8000 Brandenburger unter dem Beneral Johann Abam bon Schoning dem Raifer gegen die Turten ju Gulfe und bevährten im fernen Ungarlande bei der Erfturmung von Ofen ihren alten Kriegsuhm (6. 454.). Es war ein Bertrag, der die brandenburgifche Politit für eine noch

unabschbare Butunft feffette und ben wieberholt ausgesprochenen Erdarungen des kurfürften felbft entgegen die umfaffendften Anspruche gegen ein geringfügiges Bugeftanb nis preisgab. Gine öfterreichifche Partei am Berliner Bofe hatte den Abichluß des Bertrags, der den vornehmften Miniftern niemals mitgetheilt worden ift, in aller Stille betrieben, und der alte Aurfürft glaubte in den damaligen Berhaltniffen der allgemeinen Bolitit um jeben Preis ein enges Liebereinkommen mit bem Raifer foliegen gu muffen. Das Meisterftud ber biplomatischen Schlaubeit Defterreichs bestand aber darin, das die Abtretung jenes fleinen Territoriums nicht einmal Ernft mar. Der Kurpring Friedrich, ber die Trennung von Frankreich und die enge Berbindung mit bem Raifer far die befte brandenburgifche Bolitik hielt, ließ fich, über die rechtlichen Anspruche feines Gaust wie über die gange Sachlage mangelhaft unterrichtet, ju dem geheimen Berfprechen bewegen, ben Schwiebufer Areis an den Raifer gurudjugeben, wenn er an die Regierung gelange. Der gurft bat fich fpater felbft bitter darüber betlagt, daß er bei Musftellung bicfes Reverses überrumpelt und getäuscht worden fei. Gleichmohl aber wurde die "Retradition" im Jahre 1695 ausgeführt, womit dann freilich auch die anderweitige Ansprüche in Schleften wieder auflebten. Mitten in der thatigften Fürforge fur die Berwaltung feiner Lande nahte dem Aur-

Tob Friebrich Bilbelms. Sein Tefta- fürften die lette Stunde. Er hatte foon geraume Beit an Gicht und Baffersucht gelitten, auegeführt.

ment nicht obne fic doch durch die Leibesbeschwerden in der hingebung an die Staats- und Regierungsgefchafte floren ju laffen. Als er fein Ende berannaben fühlte, ließ er bie gebeimen Rathe und seine Familie ju fich bescheiden, trennte sich von ihnen mit tröftlichen Borten 29. April und wohlmeinenden Ermahnungen und berfchied fanft und gottergeben. Sein Teftament kam jum Boble bes Staats nie jur Ausführung. Der neue Gerricher felbft und seine vornehmsten Rathe waren der Ansicht, daß die beabsichtigte Landestheilung nicht nur der Entwidelung des Staats verderblich, fondern auch ungefestlich fei, im Bider spruch mit den hausgeseten, der "Achilleischen Disposition" und dem Geraer Bertrag (IX. 25, XI. 1036) ftebe; in dem Rechte der Brimogenitur faben fie den Grund- und Edkein für die Größe des Staats. Auch die nachgebornen Sohne ließen es fich gefallen, daß man das Bermadinis von febr zweifelhafter und anfechtbarer Rechtsgultigfeit nicht ausführte, und begnügten fich mit einer ansehnlichen Apanage (Bertrag von Botsdam, 3. Mar; 1692). So entging der junge Staat der Gefahr, aufs Reue als ein privatrechtliches Theilungsobject im mittelalterlichen Sinne betrachtet und aus Familienrud. ficten in Bruchstude getrennt zu werden. — Die Markgrafschaft Schwedt, welche

Die gefchicht liche Bebeus

Selbftandigfeit.

Die obigen Blatter geben ben Rachweis, wie sehr mit Recht Rurfürst Friedtung bes rich Bilhelm als ber Begrunder bes preußischen Staats verehrt werden barf fürsten. Diese fast halbhundertjährige Regierung hatte genügt, das kleine zerrüttete branbenburgische Territorium, bas beim Beginn jener Laufbahn an Macht und Unsehen hinter andern beutschen Fürftenthumern gurudftand, und ein armee. durch Rriegsleiden ausgesogenes Bolt zu einer Großmacht zu erheben, die in den Belthandeln fortan ein gebietendes Bort mitzusprechen hatte. Die fürftlichen Rachfolger bauten nur auf ber vom großen Aurfürsten gelegten Grundlage fort. und daß fie, die dem Borfahren teineswegs alle an Rraft und Ginsicht glichen, doch fort und fort ben Staat zu mehren und zu festigen in der Lage waren, zeugt von der Gediegenheit der Fundamente, die jener errichtet. Seit Friedrich Bil-

bundert Jahre unter einer apanagirten Seitenlinie bestand, befaß teine landesberrliche

ielm den fandischen Trot gebrochen und die entfremdeten Stamme feines geriffenen Reiches mit einem gemeinschaftlichen Gefühl ber Busammengeborigfeit rfüllt hatte, tonnte erft von einem brandenburgifch-preußischen Staat die Rede ein, und bie Singebung an bas Gange, bie Opferwilligkeit fur politische und iationale Biele mar feitdem ein bem preußischen Bolte bor andern beutschen Stammen eigenthumlicher Bug; hier gab es boch eine Geschichte, an ber fich ber atriotische Sinn aufrichten konnte. Wie ber große Rurfürst biese Geschichte orgezeichnet, ift fie auch in ber Folge geblieben: nicht mubelos und zufällig ift iefer Staat groß geworben, fondern burch barte Anftrengung, burch blutigen frieg und ernfte Arbeit; bei aller Bereitschaft aber, bas gute Recht und bie olitische Existen mit bem Schwert zu vertheibigen, seben wir boch nimmer robe froberungeluft und ichnobe Unterbrudung Schwächerer um fich greifen, wie bie leichzeitige frangofische Geschichte abstoßende Beispiele auf jeber Seite liefert. is geht bei aller nuchternen Realität burch bes großen Aurfürften und bie nacholgende Geschichte Preußens ein ibealer Bug, bie Ahnung und fpater bas Besußtfein, daß dem aufftrebenden Staate, dem icon bamals beziehungsreich die drengen feines größten Umfangs von jenfeits des Rheins bis zur Memel abgeedt waren, bas Beiligthum ber nationalen Staatebilbung anvertraut fei, bet Beruf, aus Stammeseifersucht und bynaftischer Berfplitterung beraus bem ötreben ber Ration nach einer politischen Gemeinschaft Genuge zu thun. Go tht der große Rurfürft bor uns, nicht als ein tapferer Schlachtenfieger blos. indern auch ale ein Staatsmann voll Bohlwollens, voll Ginficht und fcharfen Hides, voll genialer, bisweilen ju weit ausgreifenden Bebanten, von hartem, urchfahrendem, berrifchem Befen; nirgends aber Despotenlaune und Tpranenart; nein, diefe Sobengollernharte übermand auch harte Stoffe jum Bobl es Sangen und zwang fprode Elemente in den Dienft des Staates. Und babei var biefe rauhe Ratur unter ber fcmeren friegerischen und politischen Arbeit ineswegs für die garteren Regungen bes Beiftes, die fünftlerischen und wiffenhaftlichen Beftrebungen unempfindlich; wir haben babon ja in ben borigen Blattern Renninis genommen; wie hatte er auch fonft bem ibealen beutschen kolke jemals als ein würdiger Führer erscheinen können! Und vor Allem traf e in seiner religiösen Saltung mit den Gefühlen ber Beften ber Ration ausamien. Bon tiefinnerlicher Frommigfeit, bat er boch jene eble Geiftesfreiheit und dulbsamteit fein Lebenlang tundgegeben, die ihn jum wurdigen Bortampfer ce protestantischen Europa in jener Beit ber tatholischen Reaction und bes engerzigsten Confessionalismus machte. Start und wehrhaft nach Außen, geachtet nd gefürchtet in einer Beit, ba bas beilige romifche Reich jum Spielball frember roberungeluft und jum Spott ber Boller geworden, im Innern bon einer bis abin in Deutschland unbefannten hingebung an die Intereffen bes Staats und er Befammtheit erfüllt, ein Bemeinwefen bon burgerlicher Rechtsgleichheit, con-:ffioneller Dulbsamteit und geiftiger Freiheit, foweit es die Begriffe ber Beit geftatteten, fo ging ber Staat des Rurfürsten auf feine Rachfolger über, befruchtet mit ben iconften Reimen für eine große rubmreiche Butunft.

# 6. König friedrich I.

Frictic III. Des großen Aurfürsten altester überlebender Sohn Friedrich III. war dem (1) 1688.
103.13. geb. Bater an schöpferischer Thattraft, an Festigkeit des Willens und Ginsicht des 11.3 und Beisftes nicht gewachsen; er war weder Staatsmann noch Feldherr; er sah dae 1687. Geistes nicht gewachsen; er war weder Staatsmann noch Feldherr; er sah dae Befen ber Berrichaft häufig mehr in ber Entfaltung bon außerem Glang und Brunt, als in der Pflege der Landeswohlfahrt und der Erhöhung der wirklichen Machtmittel des Staates. Auch der Bater war für die Aeußerlichkeiten fürftlicher Sobeit, fur den Gindrud eines pruntvollen Auftretens nicht unempfanglich unt brachte gern feine landesberrliche Burde in einem blendenden Ceremoniel jum Ausdrud; allein bei ihm war die Prachtliebe mehr ein Mittel zum Zwed; ei taunte die Birtung dieser Dinge auf die Belt und benutte fie gur Erhohung feines Ansehens und ber Chrfurcht bor feiner fürftlichen Berfon; nimmer batte er barüber bas Befen ber Sache übersehen und nie, wie fo viele andere Fürster aus der prunkenden Beit Ludwigs XIV., einen Luxus entfaltet, der über fein Berhältniffe und die knappen Mittel feines Staates ging. Bohl aber tam biel unter seinem Sohne bor. Um Berliner Bofe ging es jest oft prachtiger und freigebiger bei ber Entfaltung eines glanzenden Bofceremoniels, bei ber Beran ftaltung bon Teften und Luftbarteiten ber, ale es ber Ernft ber Beit und bu Armuth bes Landes gestattete. Der Berliner Sof follte bem Ludwigs XIV. a Bracht nicht nachstehen und ber Aurfürst selbst verwandte die größte Sorgfall auf die Feststellung einer peinlichen Stilette und die Anordnung rauschen ber Seft, bie dann ber Ceremonienmeister von Beffer in fcwulftigen Berfen befang. Gitch feit, ber Grundfehler bes Rurfürften Friedrich, ließ ihn an folden Dingen inner lich Gefallen finden und ihnen eine Bichtigkeit beimeffen, die fie nicht verdienen. Es ist bezeichnend für seine Sinnebart, daß er schon als zehnjähriger Anabe einer Orben stiftete und bag die bedeutenofte Errungenschaft feiner Regierung ein Rangerhöhung war.

Bflege ber

Die Reigung gur Entfaltung von Pracht und Glang zeigte fich jedoch bei Fried Runfe und Die nicht etwa bloß in übermäßigem Aufwand ber Hofbaltung und in verfcwericaften berifcher Freigebigkeit für eitle Bergnügungen und außeren Brunt: er hatte auch eine offene Sand für eblere Bestrebungen ber Runft und Biffenichaft und feinem leicht erne baren, für vielfeitige Eindrude empfanglichen Sinne waren die geiftigen Intereffen teineswegs fremd. Er und noch mehr feine zweite Bemahlin Sophie Charlotte, & Tochter Ernft Augusts bon Sannover, maren feingebildete Raturen, die burch funtlerische Genuffe, durch den Umgang mit geistreichen und gelehrten Mannern, durd wiffenschaftliche Beschäftigungen ben Reig bes Lebens zu erhöhen wußten. Als an fcones Dentmal feines Sinnes fur Biffenschaft und geiftige Freiheit ftebt die Univerfitat Galle da, die der Rurfürst i. 3. 1692 als lutherische Gochschule grundete, 💴 ber verknöcherten Orthodogie in Leipzig und Bittenberg das Gegengewicht zu halten.

Ranner wie Thomafius und hermann Frande, die wegen ihres Freimuths aus Sachfen vertrieben worden, brachten, wie wir fpater erfahren werden, die junge Bochfcule balb in flor. In Berlin murbe eine Academie ber bildenden Runfte errichtet und eine Societat der Biffenschaften, unter dem Borfit von Leibnis, der gang befonders die Bflege der mathematischephyfitalischen und der Sprachftudien anregte. Runftler und Belehrte aller Art wurden herangezogen, wie Philipp Spener und ber berühmte Samuel bon Bufendorf, der die Befdichte des großen Rurfürften mit ebenfoviel Grundlichteit als Breifinn behandelte, wie der Bildhauer und Baumeister Andreas Schluter; bann bie frangöfischen Prediger und Rirchenhistoriter Jacob Lenfant und Isaat von Beausobre, die Ueberfeger bes Reuen Teft. ins Frangofifche, Die Archaologen und Sprachforfder Bignoles und Lacroze, Jacob le Duchat, ber Berausgeber Rabelais' u. A. Und nicht allein die pruntvolle Biffenichaft, auch bas untere Schulmefen, ber Boltsunterricht fand forgfältige Bflege. Die Refidens murbe bedeutend erweitert und mit iconen Dentmälern und Bauwerten gefcmudt (Lange Brude, Beughaus, Ausbau bes Schloffes, Reiterfatue des großen Rurfürsten). In dem naben Luftorte Liegenburg (von da an Charlottenburg genannt) maltete die anmuthige Sophie Charlotte, die von Leibnis in die Biffenschaften und felbst in die Tiefe der Philosophie eingeführte Rurfürstin , in einem geiftig angeregten, bon der fteifen Etitette des Sofes entbundenen Rreife gebildeter und bedeutender Manner, in Rufit und literarifder Unterhaltung, eine geiftige Atmofphare voll Freisinns, zwangloser Burde und Feinheit.

In seiner auswärtigen Politik wandelte Friedrich III. im Ganzen die Bege Auswartige bes Baters und war gleich bem großen Aurfürften bemüht, in ben gewaltigen Beltereignissen, welche fich um die Scheibe bes Sahrhunderts vollzogen, ben Ruhm, bas Unsehen und die Macht des brandenburgisch-preußischen Staates jur Geltung zu bringen und zu erhöhen. Der Antheil, ben Brandenburg auch unter Friedrich III. an den europaischen Berwickelungen nahm, mar teinesweas fraftlos ober unrühmlich, wenn auch wenig erfolgreich. Gine entschiedene Singebung an bas protestantische Betenntnis, die ihn überall zur thatfraftigen Unterftugung feiner Glaubenegenoffen und zur eifrigen Beforderung ber Unternehmung Bilhelms von Oranien gegen England veraulagte, und ein lebhaftes beutschpatriotisches Gefühl, das fich in der energischen Betreibung des Reichstriegs gegen Ludwig XIV. und ber perfonlichen Theilnahme an ben militarischen Borgangen in den Rheingegenden tundgab, ift Friedrich III. ebenso wenig abzusprechen wie seinem Bater und Borganger. Wenn es in ben weitausgreifenden politischen Combinationen bes großen Rurfürsten Beiten gab, wo er fich Franfreich naberte und im Bunde mit diefer Macht feine Entwurfe durchzuführen gedachte, fo glaubte Priedrich III. entschiedener und consequenter seine und des Reiches Boblfahrt durch ein enges Busammengeben mit dem Raifer gewahrt und hielt am Bunde mit Desterreich, fur das er am Rhein gegen die Frangofen und in Ungarn gegen die Turten fampfte, trot manderlei Enttaufdungen fest. Die Erfolge entsprachen keineswegs den Opfern und Anstrengungen; die Theilnahme an den großen Rriegen der Beit brachte bem Staat wenig Gewinn und bei den Ryswifer Friedensverhandlungen wurde der Rurfürst mit einer Geringschäpung

behandelt, die den für perfönliche Ehre und äußern Glanz fo empfänglichen Mann im tiefften Innern berlette.

Cherharb In ben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wie im Jimen pandels von Dandels Dandelmann an ber Spige ber Regierung, ber erwähnte ehemalige Erzieher Friedmann, Dandelmann and Oberpräfident die Leitung ber Geschäfte neben den einflugreichften Rathen ber früheren Berrichaft, einem Grumbtow, Meinders, Paul Buchs u. A., führte. Der Aurfürst war bem begabten, energischen und tüchtigen Manne in den erften Jahren feiner Regierung mit außerordentlicher Gewogenheit und dem bochften Bertrauen zugethan, überließ ihm faft allein die gefammte Staatsverwaltung und überschüttete ihn und seine fechs Bruber mit Burben und Chren. Allein Die Singebung bes unbeftanbigen, fomachen und lentbaren Rurfürsten ertaltete mit der Beit. Der geringe Erfolg ber auswärtigen Politit, ber mit ber Erfcopfung ber Finangen Sand in Sand ging , wurde bem Minifter jum Borwurf gemacht; feine übermachtige Stellung, seine herrschlacht, die keinen andern aufkommen ließ, sein hochsabrendes, im Bewußtsein seiner Berdienste und seiner Rechtschaffenheit schroffes Besen hatte ihm viele Feindschaften bereitet und unausgesest wurde an seinem Sturze gearbeitet; auch die Aurfürftin mar ihm nie jugethan, und felbst ber Aurfürst murbe mit ber Beit bes ftrengen, eigenmächtigen und targen Mannes mube, ber für die großen Bedürfniffe bes glangenden hofhalts nicht immer die Mittel fcaffen wollte oder tonnte. In der furftlichen Umgebung fpann bor Allen der Freiherr Rolb von Bartenberg, ein gefcmeidiger Hofmann und Diplomat, ein Pfalzer von Bertunft, Rante gegen den leitenden Minifter. Als Dandelmann bemertte, daß die Gunft feines Berrn im Schwinden Ros. 1697. fet, tam er um feine Entlaffung ein und erhielt fie. Allein nicht gufrieden mit diefem Erfolg, ftellten bie Soflinge bem Aurfürften bor, ber gefrantte Mann tonne Die Renntnis aller Staatsgeheimniffe misbrauchen; Dandelmann wurde ploglich verhaftet, in verschiedene Feftungen gebracht und fein Bermogen mit Befchlag belegt. Er wurde angeklagt, eine eigenmächtige und unregelmäßige Berwaltung geführt, bas Staatsintereffe und die Chrfurcht gegen den Aurfürften verlett zu haben; eine Reihe ganglich unbegrundeter, jum Theil geradezu lacherlicher Beschuldigungen wurde vorgebracht und ein bochft formlofer Prozes angestrengt, ber bem Minister teine Berfculbung nachweifen konnte. Gleichwohl wurde er zehn Jahre lang in Saft gehalten und auch bann noch ftrenge übermacht und eingeschrantt. Erft unter ber folgenden Regierung murbe ber

> alte fcmergefrantte Mann in volle Freiheit gefest. Der gange Borgang ift ein basliches Dentmal der damaligen Juftig und für den Charatter des Kurfürsten wenig rubmlich. An Dandelmanns Stelle trat ber hauptfachliche Urheber feines Sturges, Kolb von Bartenberg, neben dem nur der General Barfuß als Kriegs-, Fuchs als Juftizminister und der geh. Rath Ilgen, der die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leitete, Einfluß befaßen. Der habgierige, rantefüchtige, gegen den fof fomeichlerifche, gegen Untergebene bochfahrende Gunftling war ein folechter Erfas fur den rechtichaffenen,

daratterfesten Dandelmann. Die Ibee ber Roniges Bas dem Kurfürsten Friedrich III. an territorialen Erwerbungen, an Getrone. bietsvergrößerung entging, ersette er durch eine Rangerhöhung, die freilich zunachft nur außerlichen Glanz verlieb, boch aber auch eine große politische Bedeutung in fic schloß, namentlich in einer Beit, da die Fragen des Ceremoniels so tief in den Berkehr ber Staaten eingriffen. Es war eine öfter aufgetauchte Idee, die kurfürstliche Landermaffe, die icon bamale weit über ben Umfang eines gewöhnlichen Reichefürstenthumes emporragte, mit der Königswürde auszustatten, die auf das außer-

halb des Reichsberbands ftebende Bergogthum Breuben ju grunden ware, und bem mächtigen Aurfürftenthum, bas seit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in alleu europäischen Berwicklungen eine entscheidende und felbständige Rolle spielte, Die außere Reprafentation gulgeben, die es beanspruchen burfte. Mit befonderem Eifer ergriff der prachtliebende, von einem hohen Befühl feiner Burd. drungene Anrfürft Friedrich diese Idee, die schon sein Bater gehegt hatte. Die Erwerbung ber Rurwurde durch bas Saus Sannover, ber englischen Ronigetrone durch Bilbelm von Dranien, ber polnischen burch Anguft von Sachsen verschob die gangen europäischen Rangberhältniffe ju Ungunften Brandenburge. Dan muß, um fich die Wichtigkeit eines folchen Borhabens ju vergegenwartigen, die eigenartigen und peinlich ftrengen Rang- und Stilettenverhaltniffe im bamaligen biplomatischen Bertebe fich vorftellen.

"Roch bilbeten", fo fchilbert Rante biefe Buftanbe, "bie abenblanbifchen Burftenthumer und Republiten eine große Rörperschaft, an beren Spige ber römisch-beutsche Raifer ftand. Bie mannichfaltige und langwierige Unterhandlungen hat es felbst ber Krone Frantreich getoftet, bas Pradicat Majestat zu erlangen, das fonft nur dem Raifer gebührte. Dem Ronige bon Frankreich wollten die übrigen Rönige gleich fein; diefen ftellte fich wegen ber Ronigreiche, die fie einst befessen, die Republik Benedig zur Seite; wohl haben die kurfürstlichen Gesandten in Bien unbebedten Sauptes ftegen muffen, mabrend ber venezianische fich bebedte; aber nur ichlecht waren die Rurfürften und fouveranen Bergoge mit biefem Borrang gufrieden; auch fie forderten die Bezeichnung Serenissimus, den Titel Bruber, für ihre Gefandten bas Brabicat Ezrellenz. Selbst den mächtigsten weltlichen Aurfürsten aber fiel es schwer, hierin einen Schritt veiter ju tommen, weil, was man ihnen jugeftand, bann auch von ben geiftlichen, die boch jum Theil bloge Reichsbarone von Gertunft waren, in Anspruch genommen wurde. Es tonnte licht anders fein, als daß diefe Rangstreitigkeiten auf die Unterhandlungen in den großen Conreffen gurudwirtten. Um der widerwartigen Difberftandniffe, die gugleich tief in Die Gefchafte ingriffen, auf einmal überhoben ju werden, gab es für den Aurfürften von Brandenburg nur us eine Mittel, die konigliche Burbe anzunehmen. Augenscheinlich ift, bag ber brandenburifde Staat, wie er nunmehr war, teine feinen Machtverhaltniffen entsprechende Reprafentation inden konnte, fo lange bas Oberhaupt beffelben eben nur den Rang eines Aurfürsten befaß, er an einem Befit haftete, welcher boch nur ungefähr ben dritten Theil ber Banbichaften bilbete, us benen feine Macht bestand."

Es tostete freilich am Biener Sofe, beffen Ginwilligung in die Erhebung des Erwerbung perzogthume Preugen gur Rönigswurde man in erster Linie für unerläßlich bielt, sie auch bei den andern europäifchen Sofen langwierige und mubevolle Unterhand. ungen, um die gewünschte Anerkennung zu erreichen. Der brandenburgifche Geandte in Bien, Bartholdy, gab ichon alle hoffnung auf; um auf einem andern Bege gum Biele gu tommen, entwarf ber Befuit Bota, ber Beichtvater Augusts bes starken, eine Denkfchrift, worin dem Aurfürsten der Rath gegeben war, fich wom tapfte bie Ronigswurde ju verschaffen, ein Gedante, auf den man weitgebende ntwurfe hinfichtlich einer religiofen Befehrung Brandenburgs baute; in ber hat unterftutte auch ber Jesuitenpater Bolf, ein einflugreicher Mann am Biener ofe, eifrig die Rronungsfrage; ein feltsamer Bufall wollte, daß der Rurfürft arch eine Berwechselung ber Chiffre fich perfonlich an ben vielvermogenden

behandelt, die den für perfonliche Ehre und außern Glang fo empfanglichen Mann im tiefften Innern verlette.

@berbarb In ben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wie im Innern fand Eberhard bon von Dandels mann, Dandel mann an ber Spige ber Regierung , ber erwähnte ehemalige Erzieher Friebricht, ber an Stelle Schwerins als Oberprafibent die Leitung ber Geschäfte neben ben einflußreichften Rathen ber fruberen Berricaft, einem Grumbtow, Meinbers, Baul Fuchs u. A., führte. Der Rurfürst war dem begabten, energischen und tüchtigen Manne in ben erften Jahren feiner Regierung mit außerordentlicher Gewogenheit und dem bochften Bertrauen zugethan, überließ ihm faft allein die gefammte Staatsverwaltung und überfcuttete ihn und feine fechs Bruber mit Burben und Chren. Allein Die hingebung bes unbeständigen, fomachen und lentbaren Rurfürsten ertaltete mit der Beit. Der geringe Erfolg der auswärtigen Bolitit, der mit der Erschöpfung der Finanzen Sand in Sand ging , wurde dem Minister jum Borwurf gemacht; feine übermächtige Stellung, feine Berrichfucht, die teinen andern auftommen ließ, fein hochfahrendes, im Bewußtfein seiner Berdienfte und feiner Rechtschaffenheit foroffes Befen hatte ibm viele Keindschaften bereitet und unausgesest wurde an seinem Sturze gearbeitet; auch die Aurfürftin war ihm nie zugethan, und felbst der Aurfürst wurde mit der Beit des ftrengen, eigenmachtigen und targen Mannes mube, ber fur die großen Bedurfniffe bet glangenden Gofhalts nicht immer die Mittel fchaffen wollte oder tonnte. In der fürftlichen Umgebung spann vor Allen der Freiherr Rolb von Bartenberg, ein gefomeidiger Sofmann und Diplomat, ein Pfalger von Bertunft, Rante gegen ben leis tenden Minifter. Als Dandelmann bemertte, daß die Gunft feines Berrn im Schwinden Rov. 1697. fet, tam er um feine Entlaffung ein und erhielt fie. Allein nicht zufrieden mit diefein Erfolg, ftellten die Goflinge bem Aurfürften bor, der gefrantte Mann tonne die Renntnis aller Staatsgeheimniffe misbrauchen; Dandelmann wurde ploglich verhaftet, in verschiedene geftungen gebracht und fein Bermogen mit Befchlag belegt. Er murbe angeflagt, eine eigenmächtige und unregelmäßige Berwaltung geführt, bas Staatsintereffe und die Chrfurcht gegen ben Rurfürften verlett gu haben; eine Reihe ganglich unbegrundeter, jum Pheil geradezu lächerlicher Beschuldigungen wurde vorgebracht und ein böcht formlofer Prozes angestrengt, der bem Minister teine Berfculbung nachweisen konnte. Gleichwohl wurde er zehn Jahre lang in Saft gehalten und auch dann noch ftrenge überwacht und eingeschrantt. Erft unter ber folgenden Regierung wurde ber alte schwergefrantte Mann in bolle Freiheit gesett. Der gange Borgang ift ein baf. liches Dentmal ber bamaligen Juftig und für ben Charatter bes Rurfürften wenig ruhmlich. An Dandelmanns Stelle trat ber hauptfachliche Urheber feines Sturges, Rolb von Bartenberg, neben dem nur der General Barfus als Ariegs-, Jucis als Juftizminister und der geh. Rath Ilgen, ber die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leitete, Einfluß befaßen. Der habgierige, rantesuchtige, gegen den Bof fomeichlerifche, gegen Untergebene bochfahrende Gunftling war ein folechter Erfat fur den rechtschaffenen,

Die Bee ber Mas dem Aurfürsten Friedrich III. an territorialen Erwerbungen, an GeKönigstrone. bietsvergrößerung entging, ersette er durch eine Rangerhöhung, die freilich zunächst nur äußerlichen Glanz verlieh, doch aber auch eine große politische Bedeutung in sich schole, namentlich in einer Zeit, da die Fragen des Ceremoniels so tief in den Bertehr der Staaten eingriffen. Es war eine öfter ausgetauchte Idee, die kurfürstliche Ländermasse, die schon damals weit über den Umsang eines gewöhnlichen Reichsfürstenthumes emporragte, mit der Königswürde auszustatten, die auf das außer-

daratterfeften Dandelmann.

balb bes Reichsberbands febenbe Bergorifum Breugen au grunden ware, und bem mächtigen Rurfürstenthum, bas feit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in allen europäischen Berwickungen eine entscheibende und felbständige Rolle spielte, die außere Reprafentation julgeben, die es beanspruchen burfte. Mit besonderem Eifer ergriff ber prachtliebende, von einem hohen Gefühl feiner Burd. drungene Aurfürst Friedrich diese Ibee, die fcon fein Bater gehegt hatte. Die Erwerbung ber Rucwurde durch bas Saus Sannober, ber englischen Rönigstrone burch Bilhelm von Oranien, ber polnischen burch Anguft von Sachsen verschob die gangen europäischen Rangverhältniffe ju Ungunften Brandenburge. Dan muß, um fich die Bichtigkeit eines folchen Borhabens zu vergegenwärtigen, Die eigenartigen und veinlich frengen Rang. und Stifettenverhältniffe im damaligen diplomatischen Bertebe fich vorftellen.

"Roch bilbeten", fo fchilbert Rante biefe Buftanbe, "bie abenblanbifchen Fürftenthumer und Republiken eine große Rorperschaft, an beren Spige ber romisch-beutsche Raiser ftanb. Bie mannichfaltige und langwierige Unterhandlungen hat es felbst der Krone Frankreich getoftet, bas Bradicat Majeftat ju erlangen, bas fonft nur bem Raifer gebuhrte. Dem Ronige von Frankreich wollten die übrigen Könige gleich fein; diefen ftellte fich wegen der Ronigreiche, die fie einft befeffen, die Republit Benedig gur Seite; mohl haben die turfürftlichen Gefandten in Bien unbededten Sauptes fteben muffen, mabrend ber venezianifche fich bededte; aber nur ichlecht waren die Rurfürsten und souveranen Bergoge mit diesem Borrang gufrieden; auch fie forderten die Bezeichnung Serenissimus, ben Titel Bruder, für ihre Gesandten das Pradicat Excellenz. Selbft den machtigften weltlichen Rurfürsten aber fiel es fcwer, hierin einen Schritt weiter ju tommen, weil, was man ihnen jugeftand, bann auch von ben geiftlichen, die boch jum Theil bloge Reichsbarone von hertunft maren, in Anspruch genommen murbe. Es tonnte nicht anders fein, als daß diefe Rangstreitigkeiten auf die Unterhandlungen in ben großen Congreffen gurudwirften. Um ber widermartigen Difverftandniffe, bie gugleich tief in bie Geschäfte eingriffen, auf einmal überhoben ju werden, gab es für ben Rurfürften von Brandenburg nur bas eine Mittel, die tonigliche Burbe anzunehmen. Augenscheinlich ift, daß ber brandenburgifde Staat, wie er nunmehr war, teine feinen Machtverhaltniffen entsprechenbe Reprafentation finden tonnte, fo lange bas Oberhaupt beffelben eben nur ben Rang eines Rurfürften befaß, der an einem Befit haftete, welcher boch nur ungefähr ben britten Theil ber Landschaften bilbete, aus benen feine Dacht bestand."

Es tostete freilich am Biener Gofe, beffen Sinwilligung in die Erhebung bes Erwerbung Berzogthume Preußen zur Ronigswürde man in erster Linie für unerläßlich hielt, wie auch bei den andern europäifchen Sofen langwierige und mühevolle Unterhand. lungen, um die gewünschte Anerkennung zu erreichen. Der brandenburgifche Gefandte in Bien, Bartholdy, gab ichon alle hoffnung auf; um auf einem andern Bege zum Biele zu kommen, entwarf ber Sefuit Bota, ber Beichtvater Auguste bes Starten, eine Dentichrift, worin bem Aurfürsten ber Rath gegeben mar, fich wom Bapfte bie Ronigswurde ju verschaffen, ein Gebante, auf den man weitgebende Entwurfe binfichtlich einer religiöfen Befehrung Brandenburgs baute; in ber That unterftupte auch der Jesuitenpater Bolf, ein einflugreicher Mann am Biener Bofe, eifrig die Rronungsfrage; ein feltsamer Bufall wollte, daß ber Rurfürft burch eine Berwechselung ber Chiffre fich perfonlich an ben vielvermogenden

Bater, ftatt an feinen Gesandten gewendet. Allein man tauschte fich in ber Reftigkeit und Aufrichtigkeit ber protestantischen Gefinnung Friedrichs III. Ende ließen die Berwidlungen, welche durch die fpanische Thronfolge herbeigeführt und bon bem Aurfürsten borzugeweise im Intereffe feiner Rangerhohung ausgebeutet murben, ben Lieblingswunsch seines Bergens boch in Erfullung geben. Gegen mancherlei Bufagen, bei fünftigen Raiserwahlen bas Saus Defterreich berudfichtigen zu wollen, in andern Fragen der Reichspolitit ihm zu Billen gu Kronvertras fein, insbefondere aber feine spanischen Ansprüche mit Baffengewalt zu unterbom 16. Nov. frügen, verstand sich der kaiserliche Hof, dem die brandenburgische Bundesgenoffenschaft von größtem Berth fein mußte, gur Anerkennung ber preußischen 18. 3an. Ronigswurde, worauf die feierliche Aronung mit niegefehenem Geprange in Ro-

> "Obwohl die neue Burde nur auf Preußen gegründet mar, fo umfaßten doch Titel und Rang alle Provingen; auch ber burch herrliche Thaten machfende Rriegeruhm, ber fic an den Ramen Breufen tnupfte, war ein Gemeingut Aller. Die dem deutschen Reiche angehörigen Bebiete murden aus der Reihe der anderen deutschen Landschaften gleichfam berausgehoben und zu einer befondern Einheit zusammengefaßt, wie forge faltig man auch fonft noch bas Berhaltniß ju bem Reiche aufrecht erhielt." Die europaifchen Machte ertannten nach einander im Lauf der nachften Sahre die neue Burbe an, julest Frankreich und Spanien im Utrechter Frieden; nur Papft Clemens XI. erließ einen wirkungslosen Protest gegen die Anmagung , Ronige zu ernennen, ein Recht, das nur dem beiligen Stuhl zustehe.

> nigsberg erfolgte. Der glanzenden Sandlung unmittelbar voran ging die Stiftung bes ichwarzen Ablerorbens, ber bochften Auszeichnung ber preußischem Krone.

Finanzielle Erfcopfung.

Die großen Berwidlungen, welche ber nordische und ber spanische Erbfolgefrieg über Europa brachten, zogen natürlich auch ben preußischen Staat in ihre Rreife; an faft allen Schlachten bes Erbfolgefrieges, bis weit in Stalien binein, haben preußische Regimenter mit Auszeichnung und Ruhm theilgenommen, obwohl die gleichzeitigen nordischen Birren die ganze Rraft Ronig Friedrich's batten in Anspruch nehmen sollen und weit mehr Gewinn in Ausficht ftellten. Die preußischen Baffenerfolge blieben benn auch ziemlich unfruchtbar und bie norbischen Berwidlungen murben, wie wir an einem andern Orte feben werben, von ferne nicht benutt, wie es einem thatfraftigen und aufftrebenden Reiche geziemt hatte. Und, mas bas Schlimmfte mar, burch bie toftspieligen Rriegsunternehmen und ben ftets machsenden Aufwand der Sofhaltung geriethen Die Rinangen bes Staats und die gange Berwaltung in die hochste Berwirrung; ftets neue und erhöhte Steuern fogen bas Mart bes Boltes aus. Unter allen Berfuchen, die damals gemacht wurden, um die fiscalischen Ginkunfte zu steigern, war keiner einschneibender und für die gesammte Landescultur bedeutsamer als das Unternehmen einer rationelleren und einträglicheren Bewirthichaftung ber febr ausgedehnten Domanen.

Die Domas nenfrage.

An die Stelle ber bisherigen Beitpacht ber Domanen follte die Bererbpachtung und eine vermehrte Bargellirung mit intenfiverem Anbau treten. Chriftian Briedrich

Luben von Bulffen war der Schöpfer diefer Idee und wurde mit der Ausführung der Reform betraut. "Seine Gedanten waren nicht allein fiscalischer Art; fie erinnern bereits an eine Agriculturgesetzgebung, die später aus ganz anderen Rücksichten vorgenommen worden ift. Er wollte die von den Borwerten abhängigen Bauern der harten Dienfte entledigen, ju benen fie ben Bachtern verpflichtet waren, und ihre perfonlichen Leiftungen in ein Dienstgeld verwandeln; er hegte die Hoffnung, in Folge der Begründung neuer Bauerftellen werde fich bas Land bevollern, Die Jugend fich bem Aderbau widmen, vielleicht eine große Anzahl von Fremden anziehen; in der Menge der Unterthanen bestehe die Glorie des Berrn, fowie die Sicherheit des Landes; denn in ein Bebiet, bas überall mit Eigenthumern befest fei, werde fich tein geind mehr wagen." Band in Sand damit ging der Berfuch, eine Art Landwehr zu errichten, die Bauernfohne zu einer landlichen Miliz auszubilden, welche fich gegen feindliche Ueberfalle bertheidigen könnte. Allein das Erbpachtsspstem, das man in ziemlich weitem Umfang in den erften Jahren des 18. Jahrh. durchführte und bas Anfangs auch glanzende fiscalifche Erfolge aufwies, bewährte fich schließlich boch nicht ober blieb wenigstens weit binter der gebegten Erwartung jurud. Man gab die Idee auf und tehrte jur Beitpacht mrūđ.

Diefe Borgange trugen mit ju bem Sturg ber bisherigen Gunftlinge und Rath- Sturg bes geber bei, welche als Forderer des Erbpachtplanes aufgetreten waren, insbefondere des Bartenberg. Grafen Bartenberg. Der Graf hatte sich zwar durch fein geschmeidiges und unterwurfiges Befen bei bem fdmachen Ronig in einem beispiellofen Grabe in Gunft gefest und fich durch eine konigliche Berordnung ficher gestellt , wonach alle Berantwortung in Beschäftsfachen nicht ihm, fondern seinen Unterbeamten zur Last fallen sollte; aber andrerfeits hatte er und noch mehr feine anmaßende Gemahlin, eine Frau von niederer hertunft und Bildung, früher das Cheweib eines turfürftlichen Rammerdieners, burch habsucht, Hoffahrt und herrisches Betragen fich eine Menge Gegner an dem rankevollen Bofe gemacht und es wurde unablaffig an feinem Sturg gearbeitet. Biele Intriguen fiden nur jum Schaden ber Anstifter aus; fo murbe ber geldmarfcall Barfuß, bie beiden Grafen Dohna, der Hofmariciall von Benfen bei einem Berfuche, den Gunftling beim Ronig ju verdachtigen, in Ungnaden ihrer Memter entlaffen. Der Minifter um. 1702. gab fich nun mit noch gefügigeren Gehülfen; ber Graf Bartensleben erhielt die Leitung des Rriegswesens, der Graf Bittgenftein, ein hochfahrender, eigennütiger Mann, die Kinanzgeschäfte. Unter dem Drucke dieses "dreifachen Wehs", wie die drei einflupreichsten Manner spottend genannt wurden, tam das Land an den Rand der Berzweiflung. Allein mit der Beit gewannen die Gegner des anmaßenden Günftlings doch Gehör bei dem alternden König, namentlich da auch der Kronpring, Friedrich Bilhelm, der einzige Sohn der um diefe Beit (1. Febr. 1705) verftorbenen Ronigin Sophie Charlotte, die Leiter des herrschenden Berwaltungsspftems mit seiner Berschwendung und seinen Disbrauchen haßte. Das Borfpiel jum Sturze des allmächtigen Gunftlings war die Berhaftung des Grafen Bittgenstein, dem man Eigenmächtigkeit und Unred- Decbr. 1710. lichteit in ber Finanzverwaltung, felbft offenbare Unterfcblagung Schuld gab. tamen arge Dinge, die schnodeste Miswirthschaft zu Tage und er wurde aus dem Lande verbannt. Benige Tage fpater wurden auch bem Grafen Bartenberg Die Infignien seines Amtes abgefordert. Im Genuffe einer flattlichen Benfion und großer Reichthumer, die er auf die Seite gebracht, jog er aus dem Lande, ftarb aber icon im zweiten Jahre darauf.

Dem alternden Konig gingen diefe Dinge febr nabe, jumal auch eine neue Tob bes Che, die er mit Sophie Luife von Medlenburg geschloffen, einer ftreng lutherifchen

Beinzeffin, welche durch ihren Beleheungseifer und fanatischen Sinn bem Gemahl febr laftig ward und am Ende in religiofen Irrfinn verfiel, ihm nicht bas er-† 25. Febr. sehrte hausliche Glud für seinen Lebensabend brachte. Er überstand auch diese Borgange nicht lange; nachdem ihm zwei Entel frühzeitig gestorben, batte er ein Jahr vor seinem Lod noch die Freude die Geburt eines britten zu erleben; es war Friedrich, in ber Folge "ber Große" genannt.

Territoriale Die territoriale Bergrößerung des preußischen Staats unter Friedrich I. war nicht gewendung bedeutend. Er taufte (1697) von dem geldbedürftigen August dem Starten von Sachsen Briedrich L die Bogtei über Stift und Stadt Quedlinburg und das Reichsschulzenamt in der Stadt Rordhausen; doch gelang die Besigergreifung, deren Rechtsgültigkeit bestritten wurde, erft als der Ronig die Stadte mit Eruppen befette, und auch in der Folge erhoben fich aus biefem zweifelhaften Raufgeschaft nach manderlei Berwicklungen. Ferner nahm Friedrich die dem großen Aurfürsten als Bfandicaft für eine Ariegsentschaung augesprochene 1698. Stadt Elbing mit Gewalt in Befit (S. 615) und fügte fie, als die Summe nicht bezahlt wurde, bauernd bem preußischen Gebiet bei. Die bebeutenbfte Cemerbung, freilich aber wegen der weiten Entfernung und der fremden Rationalität bon zweifelhaftem Berthe, war die Souveränetät über Reufchatel und Balengin (Belich-Reuenburg), ein Stud der oranischen Erbichaft, die nach dem Tode des finderlosen Königs Bilhelm von England (1702) an König Friedrich, ben Sohn der oranischen Luife fiel. Rach dem Aussterben des hauses Lonqueville (1707) besaß das haus Raffau-Dranien unzweifelhaft die nachften Erbrechte auf das Fürstenthum, und der Erbe der oranischen Ansprüche mar Ronig Friedrich. Trop des Biderspruchs Ludwigs XIV. und einer gangen Reihe anderer Pratendenten gelang es dem preufischen Konig, ber and im Lande den meiften Anhang hatte und von den Standen anerkannt wurde, feine Erbrechte durchzusehen und im Frieden von Utrecht die Bestätigung feiner Souveras netat zu erlangen. Doch mar bas Berhaltniß ftets nur eine lodere Personalunion ; in eine eigentliche politifche Berbindung tonnte bas ferne Land mit bem nordifchen Staat nicht treten. Mus der oranischen Erbichaft, welche übrigens zu haflichen Berwürfmiffen mit bolland und dem bon dem letten Oranier gegen den alten Chevertrag bes großen Aurfürften jum Erben eingesetten Seitenberwandten, Johann Bilhelm Frifo von 1712. Raffau-Dies führte, erwarb Friedrich folieflich auch die Graffchaft Mors, indem er die Bollander mit gewaffneter Sand baraus bertrieb. Durch Rauf wurde ferner ein großer Theil der Grafichaft Tedelnburg an der Ems mit dem preußischen Staat vereinigt.

#### 2. Schweden im fiebzehnten Jahrhundert.

#### 1. Schweden unter der Königin Christine.

Christinas Guftav Adolf hinterließ von seiner Gemahlin, der brandenburgischen Marie Mindersag-eigteit 1652 Eleonore, eine einzige Tochter, Christine, die bei des Baters Tod noch im zar-8. Derbr. teften Rindesalter ftand. Die Stande fasten alsbald ben Befchluß, eingebent bes Erbvertrags von Rortoping (XI., 886), in Ernfangelung mannticher Rachtommen bes feligen Ronigs das "bochgeborne Fraulein" als ertorene Ronigin und Erbfürftin Comedens anzuerkennen; mabrend ihres minderjahrigen Alters möchten die funf hoben Reichsämter, der Droft, der Marfchall, ber Abmiral, ber Rangler und ber Schatymeifter, bie Bermeferschaft führen. Die Burben bes Drofts und des Schapmeisters, die erledigt waren, wurden zugleich nen befest

und zwar beide durch Glieder der Familie Drenftjerna, die somit drei Stollen in der Bormundichaft inne hatte. Sobann wurde eine Reichsverfaffung festgesett. Der Rangler Arel Drenftjerna entwarf eine "Berordnung über Staat und Regierung bes Reiches" im Ramen Suftab Abolfs, ber mehrfach die Reichsverfaffung neu zu ordnen beabfichtigt und ben Grundfagen bes Ranglers Buftimmung ertheilt hatte, so daß der nach seinem Lode vorgelegte Berfassungsentwurf als fein Testament augesehen werden tonnte. Die Aufgabe des Ronigs in diefer Sinficht war nach Geijers Auficht "gunächst ben bon seinem Bater niedergebruckten Abel am Ende mit bem Erbreich ju verfohnen. Dem Abel feste er eine bom Ronige abhangige Beamtenmacht entgegen. Die Regierungsform von 1634 bilbet in biefer hinfict bloß aus, mas feine Regierung als Grund gelegt. Daß die Beamtenmacht ju einer neuen Abelsmacht ward, das lag in ben Umftanben einer vormundschaftlichen Regierung, welche bazu vielleicht noch mehr burch ihre Berbienste als burch ihre Behler beigetragen". Der Entwurf Drenftjerna's wurde mit einigen Beranderungen von den Standen angenommen. Der Sat "Schweden ift ein Erbreich, 29. Juli tein Bahlreich" wurde weggelaffen; noch war die alte Reigung jum Bahlreich nicht gang erloschen, und man behielt fich die Möglichkeit bor, diefen Grundfas unter andern Berhaltniffen vielleicht noch einmal geltend zu machen, dachte auch, ben Amfpruchen bes polmifchen Bafagweiges auf diefe Beife ficherer an begegnen.

Die neue Berfaffung ordnete die Bufammenfehung, Birtfamteit und Befugniffe ber oberften Behörden, des ausschließlich aus einheimischen Coelleuten bestehenden Reichsraths und der funf hoben Memter, die an der Spige von funf Rollegien fteben, des hofgerichts, des Rriegsraths, der Admiralitat, der Ranglei und der Rechnungstammer ; fie regelte die Berwaltung und Berichtsverfaffung, Die Gintheilung des Reichs, militärifche und Beamtenverhaltniffe und insbefondere die Regierungsweise wahrend ber "Diefe Regierungsform" beist es bei Abwesenheit oder Minderjährigkeit des Konigs. Aubs "ift nicht blos eine Inftruction für die Bormundschaft, fie ift vielmehr eine volltommene Conftitution; überall leuchtet aus ihren Bestimmungen ein bortrefflicher Geift, ein heller politischer Blid hervor; nur das war ein Uebel, daß der Reichsrath aus lauter Edelleuten bestand; es war vorauszusehen, daß biefer Stand fein Uebergewicht benuten und fich auf Roften der übrigen immer größere und bedeutendere Borrechte berfchaffen Bar boch ohnehin seine faatsrechtliche Stellung als ein Mittelglied zwischen dem König und den Ständen eine schwantende, unfichere und ju Uebergriffen einladende. "Umftande noch mehr als Grundfage machten fpater die Berfaffung von 1634 bem ichwedischen Bolte unbehaglich. Sie tam niemals in allen Theilen gur Ausführung. Für ihre Beit war fie ein Bert politischer Beisheit. Dan muß Azel Drenftjerna bewundern, desto mehr, je naher man ihn kennen lernt und je größer die Sinderniffe find, mit denen er zu tampfen hatte. Bahrend die Laft des Krieges braugen auf feinen Schultern ruht, umfaßt sein Blid in der Ferne alle innern Berhaltniffe feines Baterlandes". Rach feiner Rudtehr vom Friedenscongreß zu Bromfebro (XI., 1004) murde der Reichstanzler jum Grafen von Sodermore erhoben unter fcmeichelhaftefter Aner-Es war das lette Beichen von Bertrauen; bald tamen . tennung feiner Berbienfte. andere Familien, die de la Gardie, die Brabe empor und die Ogenstjernas wurden geflissentlich zurückgesett; fle waren zu einer allzugroßen Göhe und Macht gestiegen: man mistraute ihren Abfichten und war ihrer Berrichaft überdruffig.

Ariebend: Um die ichwedischen Rrafte gang auf den deutschen Rrieg verwenden gu tonnen, fdiuffe. um oie jupieterjugen seune gang ung bei geiden bon Stuhmsdorf mit Cept. 1835. fcloffen die Reichsberwefer den fechsundzwanzigjahrigen Frieden von Stuhmsdorf mit Bolen (XI., S. 979). Damit wurde ein Rrieg zu einem vorläufigen Ende gebracht, ben Chriftine noch bon ihrem Bater und Grofbater geerbt und der nach zeitweiligem Baffenftillftand immer von Reuem wieder ausbrach. Die Schweden blieben im Befite von Livland, das Buftav Abolf in einem mehrjahrigen erbitterten Rampfe erobert. Aug. Sept. Seit der furchtbaren Belagerung der Stadt Riga, Die fechs Bochen lang den fowebifchen Ban. 1620. Stürmen widerftand, ebe fie endlich fiel, bis zur blutigen Schlacht bei Ballhof in Rurland mar in den livifden und furifden Landen viel fdwedifdes und polnifdes Blut gefloffen und eine Stadt nach ber andern hatte bem flegreichen nordischen Ronig Die Thore öffnen muffen. Die Eroberungen in Breugen aber, die Stadte an der Office, 1626—1629. die Guftav Adolf in den "preußischen Feldzügen" in seine Gewalt gebracht und großentheils noch in dem Altmarter Bertrag (XI., 925) festgehalten hatte, mußten an Bolen Bmei große Rriege gleichzeitig ju führen, überftieg bie Rrafte aurudgegeben merben. Schwedens; darum vertrug es fich unter erheblichen Opfern mit Bolen; allein unter ber folgenden Regierung brach der Riefentampf aufs Reue aus. Bortheilhafter mar der Mug. 1845. Friede bon Bromfebro mit Danemart (XI., 1004), bas freilich ju Land und jur See bis zur Bernichtung unterlegen war. Außer ber uneingefdrantteften Bollfreiheit im Sunde, beren Berletung von Seiten Danemarts die hauptfachlichfte Urfache ber Disbelligkeiten gewesen, erwarb Schweden die Provingen Samtland und Berjeadalen, die Infeln Gothland und Defel, und die Proving Salland, die jedoch nach dreißig Jahren durch eine entsprechende Entschädigung abgeloft werden tonnte. Schweden begann bamit Berr feines eigenen Continents zu werden. Die fcmedifchen Erwerbungen an ber Dit- und Rordfee, in Bommern und Bremen, welche ber weftfälische Friede einbrachte, haben wir früher tennen gelernt (XI., 1014).

Christinas felbständige Regierung. 1644—1654

An ihrem achtzehnten Geburtstag übernahm die Königin Chriftina die Regierung felbständig. Die schlimmste Erbschaft, welche die Monarchie aus ber vormundschaftlichen Berwaltung antrat, mar die durch ben langen Rrieg erzeugte finanzielle Berlegenheit und die Beräußerung eines bedeutenden Theils der Rronguter, zu welcher fich die Reichsverweser aus Mangel an andern Mitteln veranlaßt gesehen. Schon unter Buftav Abolf maren die Steuern, Die vorzugsweise auf ben Bauern lafteten, ju einer unerschwinglichen Bobe gestiegen; die unentbehrlichften Lebensmittel murben mit indirecten Abgaben belegt oder gar zum Monopol ber Regierung gemacht. Die Beraußerung ber Domanen wirkte um fo unbeilvoller, als fie nur an ben Abel geftattet war und vielfach auch die Rronrenten ber Steuer. bauern in fich schloß, wodurch ber Sbelmann leicht die Möglichkeit gewann, freie Bauern fich unterthänig ju machen. Es wurden Stimmen laut, alle Steuerpflicht habe ihren Urfprung vom erften Befigrecht ber Rrone an den Boben, und das Ueberlassen der Rente an den Adel schließe daher ein Ueberlassen des Bodens felbft in fic. Das gralte Recht bes freien bauerlichen Grundbefiges mar in Be-Chriftine bestätigte nicht nur die mabrend ihrer Minderjabrigfeit vorgenommenen Beraugerungen, fondern fie ichritt noch weit rudfichtslofer auf dem bedenklichen Bege weiter und ließ ihrer Reigung ju Freigebigkeit und Berichwendung alle Bugel ichießen. Unter bem Bauernstand und felbit bem niedern

Abel gab sich eine tiefe Bewegung gegen die großen Geschlechter kund, welche alle Racht und allen Besit an sich zu reißen suchen. Die Zukunft der Bauern, klagt eine Flugschrift der Beit, sei, aus einem freien Reichsstande zu Leibeigenen und Auechten zu werden; die Milbe der Königin werde mißbraucht, so daß sie bald nicht mehr als den Titel von Reich und Krone habe; die Auflagen wären so hoch gestiegen, daß sie fürder nicht zu ertragen, die Beschwerden des gemeinen Bolkes würden an den Reichstagen nicht gebort.

Im Sahre 1650 übergaben Geiftlickeit, Burger und Bauern ber Königin eine "Protestation über die Burüdgabe der Krongüter", worin sie begehrten, daß man alle solche Allodiadonationen abschaffe, das Entfremdete an die Krone zurüdbringe und alljährlich ein Untersuchungsgericht abhalte, zu richten, was gegen das Recht der Krone und die Freiheit des gemeinen Boltes begangen worden. Die Aufregung war so groß, daß man am Borabend eines Bürgertriegs zu stehen glaubte. Die Königin nahm die Anträge gnädig auf, wich aber doch einer Entscheidung aus. Die Schwierigkeit dieser Frage bestärtte sie in ihrem Entschluß, das Scepter andern und träftigeren handen anzubertrauen. Erst der Folgezeit war eine Lösung vorbehalten.

Um die Butunft der Ohnaftie ficherzustellen, brangen die Stande in die Die Abron-Ronigin, fich zu vermählen oder aber einen Rachfolger aus den nachften Seitenverwandten des koniglichen Saufes einzuseten. Man erwartete allgemein, fie wurde ihrem Better Rarl Guftav, bem Sohn bes Pfalggrafen Johann Rafimir bon 3meibruden (Rleeburg), Die Sand reichen. Unter der Aufsicht der Pfalzgrafin Ratharina, Guftab Abolfs Schwester, war fie erzogen und ber Better, ber in Schweden geboren und herangewachsen war, ihr icon in ber Rindheit verlobt worden; allein die Ronigin fand tein Gefallen an feiner Perfon und ebenso wenig an einer andern Che. Es widerftrebte ihrem felbständigen eigenwilligen Sinn, einem Manne fich unterzuordnen, irgent Jemanden, und sei es auch ber Bemahl, ale ihren Bebieter anzuerkennen. Um bem Drangen ber Stande ein Ende ju machen, tam Chriftine mit bem Borichlag beraus, den Pfalggrafen ju ihrem Rachfolger zu ernennen, und durch ihr energisches Gintreten für diefen Entschluß erreichte fie es in der That, daß der Reichsrath und die Stande Schwe- Mars 1649. bens trot vielfacher Bedenken ber Thronfolge Rarl Guftavs zustimmten, im Falle die Königin ohne Erben fturbe. Im folgenden Jahre erkannte der Reiche- 1660. tag die Erblichkeit ber Rrone für die mannlichen Rachkommen bes Pfalzgrafen an. Bald darauf eröffnete die Ronigin ibr icon mehrere Jahre gehegtes Bor. Det. 1861. haben die Rrone niederzulegen.

Es gab Leute, die es nicht abwarten konnten, bis fie die Absicht auch wirklich ausführte. Der junge Arnold Meffenius, der Sohn des gleichnamigen historiographen, überhäufte in einer Schrift, die er dem Pfalzgrafen zusandte, die Königin und das Adelsregiment mit Schmähungen und Anklagen und suchte Karl Gustav zu bereden, mit gewaffneter Hand den Thron in Besis zu nehmen. Der Urheber der hochverrätherischen Flugschrift und sein schuldloser Bater erlitten den Tod durch die Hand des Scharfrichters und endeten damit ihr unglüdliches Geschlecht.

Bu bem Entschlusse ber Thronentsagung trugen ebensowohl die schwierigen politiiden Berhaltniffe bei, die wir angedeutet, wie die personliche Sinnesart und Dentweise

Charafter ber Königin Christine.

Decbr. 1651.

ber Königin. Ihr fehlte bie Hingebung an bas raube Land ihrer Geburt, an bie barte und ftarre Ratur ihres Boltes und beffen ftrengen religiofen Sinn, und biefes wiederum nahm Anftog an den gabllofen ausländischen Sunftlingen, an dem Gindringen fremder Sitten und Moden, an dem verschwenderischen pruntvollen Leben am hofe; fie fuhlte fich in ihrem eigenen Baterlande nicht beimisch. Ihr fehlte auch die Rraft und der Bille, sich ernstlich der Staatsgeschäfte unzunehmen und unter schweren politischen Wirren eine mube- und forgenvolle, voraussichtlich aufreibende und wenig erspriefliche Thatigleit ju üben. Benn fie, namentlich im Unfang, mit größtem Gifer ihren Regierungspflichten oblag, allen Rathsfigungen anwohnte, den diplomatifchen Bertehr perfonlich pflegte, von allen Angelegenheiten fich aufs Genauste unterrichtete. so entsprang dies boch mehr der ihr eigenen Sucht, mit ihrem Beift und Berftand, mit der Selbstandigfeit ihres Urtheils ju glangen, als daß fie für die Aufgaben des Staatslebens eine wirklich innere hingebung befeffen batte. Ihre eigentlichen Intereffen lagen gang wo anders. Sie war bon einer felbft unter Mannern jener Beit feltenen Tiefe ber flaffifchen und gelebrten Bilbung, die ihr vor Allen der unterrichtete und duldsame Sohannes Matthia, in ber Folge Bifchof von Strengnas, beigebracht, von einem ungewöhnlichen Lerntrieb befeelt, in den antiten Schriftstellern wie in den philosophischen Disciplinen bewandert. Un mannlichen Beiftesbeschäftigungen fant fie Befallen, wie fie auch in ihrer Lebensweise, in effectlichen Uebungen , in wildem Reiten , in ben Freuden der Jago , in der Berachtung bon außerer Anmuth und Murbe, banfig for Gefchlecht vergeffen ließ. Geiftreiche Sespräche und gelehrte Disputationen sagten diesem farken Geifte mehr als alles Audere ju. Un ihrem Sofe fammelten fich die berühmteften Manner der Biffenfchaft, ein Hugo Grotius, Descartes, Conring, Ifaac Boffius, Ricolaus Seinfius, Salmafius, ber Philosoph und Dichter Stjernhielm, die Rechtsgelehrten Stjernhoof und Loccenius, die Bearbeiter des fcwedischen Rechts, und viele andere Auslander und Einheimische bon Geift und Ruf, die Gunft und Unterftugung fanden. Die alteren Universitäten Upfala und Greifswald und die neugegrundeten Sochschulen zu Dorpat und Abo wurden reichlich ausgestattet und, soweit bies bamals in Schweden überhaupt möglich mar, mit tüchtigen Lehrfraften befest.

Uebertritt

Das arme ungebildete Bolt, das auch in höheren Gefellschaftsschichten noch von jum Rathes Lieben unglaublichen Unwiffenheit und Robbeit war, hatte freilich von diefem fremden gelehrten Brunt wenig Gewinn, und Chriftine felbft fcopfte aus bem Bertehr mit ber Biffenschaft nicht reine Beiftesbildung und eble gumanität, sondern Smeifelfucht und eitle Selbstgefälligfeit. Es fehlt diefem Charatter vor Allem an dem gludlichen gefunden Ebenmaß. Hocherhaben über die Ideentreise ihres Geschlechtes und Boltes, findet fie in ihrer Umgebung, in dem ihr jugefallenen Felde der Birtfamteit teine Befrledigung und überspringt die Schranten, die ihr die natürliche und gefellige Ordnung geftedt. Aus diefer Stimmung der Ueberfattigung und Ungufriedenheit verfiel fie bann auf die religiösen Dinge. Ginft hatte fie mit ihrem Lehrer Johann Matthia, der in der Folge (1664) zugleich mit dem Bischof Joh. Terferus von Abo wegen Irrlehren und ginneigung jum Calvinismus feines bifcoflicen Umtes entfest murbe, fich fur die Bereinigung der beiben protestantischen Confessionen begeistert; der lutherische Belotismus, der ihr dabei begegnete, fließ fie ab; fie murde mehr und mehr, wie ihrem Lande, fo auch bem Glauben beffelben entfrembet. Sie gerieth in religiofe Breifel; es fcbien ihr. als fei alle Religion Menschenerfindung und im Grunde gleichgultig, zu welcher man fich betenne. Manche ber auswärtigen Gelehrten nahrten biefen hang; insbefondere einem frangofischen Freigeist und Argt, Bourbelot, ber fie von einer Krantheit geheilt und seitdem in höchster Gunft ftand, wird eine erfolgreiche Thangleit in diefer fteptischen Richtung zugeschrieben. Mus inmerer Bweifelsucht , Frivolität und Giteleit aber haben

den viele haltlofe Raturen eine lette Buflucht im Schoofe ber tatholifden Rirche geucht. Die Besuiten ertannten bald den gunftigen Boden und arbeiteten an dem Bebrungswert; ein neuer Gunftling, Don Antonio Pimentelli, ber fpanifche Gefandte, am ihnen dabei ju Bulfe. "Abgeftogen bon taufend Bufalligkeiten", fagt Rante, "unerührt vom Geifte des Protestantismus, eigenwillig reißt fie fich von ibm los; das Entegengesete, von dem fie nur eine dunkle Runde hat, zieht fie an; daß es in dem Bapft ine untrugliche Autorität gebe, icheint ihr eine ber Gute Gottes angemeffene Ginrichung; darauf wirft fie fich von Tage zu Tage mit vollerer Entschiedenheit; es ift, als ühlte fie bas Bedurfniß weiblicher hingebung hierdurch befriedigt." Der Uebertritt um tatholischen Betenntnis mar icon bor ihrer Abdantung innerlich vollzogen.

Rachdem auf Bitten bes alten Reichstanzlers bie Thronentfagung noch Enrftinens. nehrere Sabre verschoben worden, brachte Christine ihren Entschluß wirklich zur lusführung, und unmittelbar barauf verließ fie, einer anfehnlichen Rente ver- Suni 1654. ichert, bas Land ihrer Geburt; wehmuthig faben bie Stande und bas Bolt ben etten Sproffen der Bafa scheiden; in beinselben Jahre ftieg auch Arel Orentierna ins Grab. Bu Innsbrud trat bes großen Gustav Adolf Tochter öffentlich jur tatholischen Rirche über. Rachdem sie in Rom von Papst Alexander VII. Die Firmung erhalten, burchreifte fie zwei Jahre lang Frankreich. In Kontainebleau ließ fie, als ob fie noch souverane Ronigin mare, ihren Stallmeifter ben Marquis Monalbeschi wegen angeblichen Hochverraths in der Schlofgalerie um. 10. 900. bringen, eine in Roman und Dichtung vielbehandelte mpfteriofe Geschichte, bie ihr bei Mit- und Rachwelt bofen Leumund jugog. Rach ber Sauptftadt ber tatholis iden Belt gurudgetehrt, verbrachte fie bafelbft den Reft ihres Lebens gu ben Sugen 1658. des heil. Baters, in vollen Bügen die literarischen und fünstlerischen Anregungen genießend, welche die Beltstadt am Tiber bot. Zweimal erschien fie noch auf bem ichwedischen Boden und suchte nach dem Tode ihres Rachfolgers ihre Thronanspruche wieder bervor; allein für die tatholische Ronigin regten fich nirgends mehr Sympathien im Lande. Am 19. April 1689 endete fie in Rom ihr verfehltes Leben. Bon ihrem hochgebildeten Geift zeugen ihre zahlreichen literarischen Arbeiten, Memoiren, Sinnspruche, Briefe, voll ber feinften Gebanten und tref. sendsten Urtheile. Sie wurde in der Beterkfirche begraben, wo ihr Bapst Innoceng XII. ein von Carlo Fontana ausgeführtes Denkmal errichten ließ.

#### 2. Die pfallischen Könige.

Die kurze Regierung Rarls X. Gustav wurde fast vollständig von den Rarl X. großen Rriegen mit Polen und Ruffen, Danen und Brandenburgern ausgefüllt, 1654-1660. bie wir an einer andern Stelle feunen gelernt haben. Die guten Absichten bes geb. 1822 Königs für die innere Berwaltung tamen unter den auswärtigen Sorgen und Anftrengungen größtentheils nicht jur Musführung. Die brennende Frage ber Beit, die Berftellung des finanziellen Gleichgewichts, die in erfter Linie auf der Reduction der entfremdeten Kronguter beruhte, wurde zwar unter der Leitung des Kammerpräfibenten hermann Kleming in Angriff genommen, gerieth aber nach einem

#### E. Die legten Jahrgehnte des 17. Jahrhunderts. 642

fraftigen Anlauf unter ben Rriegswirren bald ins Stoden, und man fchritt it der beständigen Geldverlegenheit sogar zu neuen Berpfändungen. Hatte Karl X. langer gelebt, fo murbe er ohne Bweifel bes Regiments im Innern fich mit ber selben Thatkraft angenommen haben, die er nach Außen entfaltete. Denn der erste Pfalzer auf dem schwedischen Ronigsthron war nicht allein ein schneidige Rriegehelb, fonbern auch ein Staatsmann voll Ginficht in die innere und ausmartige Bolitit, voll Bilbung und Ginn für Biffenfcaft und Runft, voll Ber ftandniß für die Bedingungen der staatlichen Bluthe und Bohlfahrt, von einem hohen Bewußtsein feiner königlichen Pflichten und Rechte, von einer wahrhaf raftlofen Thatigtelt und Arbeitstraft, bon einer Babigteit und Energie, wie fie allen diefen fcwedischen Pfalzern eigen war und bisweilen an Starrfinn grenzte im Glud tubn aufftrebend, aber auch im Unglud nicht bergagt.

Die por: 1672

Als diefe edle Rraft unter dem Uebermas der Anftrengung und Arbeit aufammen mundschafts gebrochen war (S. 614), traten die schwierigen innern Berhältnisse alsbald zum Borrung 1660— schein. Schon das Testament gab zum bestigsten Streite Anlas. Der König batte die Schon das Testament gab jum heftigsten Streite Anlag. Der Ronig hatte die Regierung mabrend ber Unmundigfeit feines bierfahrigen Sohnes fo geordnet, baf fein Gemablin Bedwig Cleonore von Solftein an ber Spibe ber funf hochften Reichsbeamtet die vormundschaftliche Berwaltung führen follte ; zum Reichsfeldheren hatte er feinen Bruder Herzog Adolf Johann, der fich in den polnischen und danischen Ariegen vielsach ausgezeichnet, zum Reichstanzler feinen Schwager Magnus Gabriel de la Gardie eingefest, einen pracht- und tunftliebenden Mann, der "fcwedische Macen" genannt, verschwenderisch, wantelmuthig und ber nothigen Energie entbehrend; jum Reichsichanmeifter war fer mann Herning ernannt, der bisher an ber Spipe bes Reductionsgefcafts geftanden. ein deutlicher Beweis, daß ber König auch nach feinem Lode das große Finangtvert fort gefest und damit die Macht der hoben Ariftofratie vermindert gu feben munichte. Du lettere erhob denn auch aus haß gegen den hochfahrenden und durchgreifenden Berge und bie gefährlichen Reductionsbestrebungen lebhaften Biderftand gegen bas Testammi und focht deffen Gesehlichkeit an; es konnte nicht vollständig ausgeführt werden. Die Ronigin und ber Reichstruth übernahmen einftweiten die Regierung, beren Seele ba Reichsbroft Ber Brabe war, ein achter Reprafentant der alten schwedischen Hochariffor tratie, gang in den Ideen der Bergangenheit lebend. Die Reduction borte jest faft gan auf; dafür fanden neue Berpfandungen bes Rronguts, an denen die Mitglieder der Regierung felbst theilnahmen, und läftige Bollerhöhungen statt, die den Sandel beschwerten; immer rafcher schritt man dem finangiellen Ruin entgegen. nichtadeligen Standen und felbst unter dem niedern Abel herrschte eine tiefe Gabrung gegen bie Sochariftotratte. Maf bem Reichttage von 1660 fcon brach bie Aufregung der Gemuther in heftige Rampfe aus. Der Bergog Adolf Johann wurde jest endgultig durch den Reichstag von der Regierung ausgeschloffen; der ergeizige Mann gab damit freilich feine Unfpruche nicht auf; allein er machte vergebliche Unftrengungen und Umtriebe, um zu feinem Recht zu tommen; auf bem Reichstag von 1684 wurde er noch mals jurudgewiefen und fein Bertrauter Bengt Stotte, ein unruhiger, abenteuerlicher. intriganter Mann, feiner Stelle im Reichsrath verluftig erklart. Auch bermann Bleming. wurde aus feinem Reichsichatmeisteramte gedrangt und durch Suftav Bonde erfett. ber, obwohl ein ernster, thatiger und erfahrener Mann, wenig zu leisten bermochte, wal er die einzige Rettung, die Reduction, nicht ernftlich zu ergreifen wagte. Statt deffen wurden immer neue unfruchtbare Finangplane entworfen, die dus lebel hochtens wir

tufdten, aber nicht an ber Burgel trafen. Es war die Remefis, bag ber Sohn bes unterlegenen Fleming das Bert in der Folge fo energifch ju Ende führen follte. Die erften Jahre der vormundschaftlichen Regierung find durch den Sieg und die Uebermacht des Reichstraths und des Ritterhauses über die nichtadeligen Stande bezeichnet. Allein im Ritterhause muchs wieder in feindlichem Gegensat jur Sochariftofratie ber niedere Adel empor, an deffen Spige der Freiherr Johann Spllenftierna ftanb, ein Mann, der eine bedeutsame Sinwirtung auf die politische Entwidlung hatte, jumal als er in ber Folge aus einem Berfechter ber Abelsmacht ein feuriger Bortampfer ber Sonveranetat der Rrone und der monarchischen Alleinherrschaft murde. Die innern Schwierigkeiten, mit denen die vormundschaftliche Regierung zu tampfen hatte, murden noch gesteigert durch die gehler der auswärtigen Politit. Diefelbe murde jest fast allein unter bem Gefichtspunft der Subfidien betrachtet; wer am meiften bot, tonnte die ichwedische Bundesgenoffenschaft haben, Die fich freilich am liebsten nur in Rentralitat ober in Friedensbermittelung außerte. Bon einem feften und flaren Spftem der außern Bolitit war nicht mehr die Rede; die entgegengeseten Biele und Bestrebungen burchtreugten fich in ber Regierung felbft; bald hatte biefe, bald jene Stromung die Dberhand. Bie unwurdig und verderblich diefe Bolitit war, zeigte fich recht beutlich in dem Bremi. fchen Rriege, ber mit unerhortem Leichtsinn unternommen ward und die Stellung der vormundicaftlichen Regierung wie tein anderes Greignis erschütterte.

Der Anfpruch der Stadt Breinen auf Reichsunmittelbarteit, eine Frage, die im weft- Der Brefälischen Frieden nicht mit der nothwendigen Alarheit und Bestimmitheit festgestellt war, 1665, 166 6. hatte icon fruber Unlag ju Dishelligleiten gegeben. Jest murde diefer Streitpuntt wieder aufgegriffen und die Befeltigung der zweifelbaften Bremifchen Anfpruche zum Bormanb eines Feldzugs gemacht. In Bahrheit galt es viel weniger diefer localen, praftifc nicht fehr wichtigen Streitfrage, sondern der Rriegszug mar ein Blied in der Rette ber großen europäischen Berwidelungen. Schweden ftand bamals in englischem Sold und Intereffe und es follte gegen die mit England in Arieg befindlichen Hollander vom Bremifden aus ein fcwedifder Angriff gemacht ober boch mit einer folden Diverfion gedrobt werden; man wollte einen Bormand für schwedische Rüftungen auf deutschem Man murde durch die unseligen Subsidien weiter in die europäischen Boden haben. Birren gebrangt, als man felbft beabsichtigt hatte. Bu einer fraftigen und entichiedenen Theilnahme am Rrieg hatte man weber Reigung noch Fähigkeit. blieben noch dazu die englischen Goldzahlungen aus, und nun batte man einen gang awecklosen Rrieg im eigenen Lande und mußte froh fein, nicht noch weiter in die wefteuropaifden Birren hineingezogen zu werden. Bu einem Angriff auf die Stadt Bremen fam es benn eigentlich auch gar nicht. Als endlich ber Reichsfeldherr Rarl Guftab Brangel mit einer ansehnlichen Armee vor die Stadt rudte, nahmen fich ihrer die be- Juli 1666. nachbarten beutschen Fürsten an, und es wurde ein Bergleich gefchloffen, der das flaats. Rov. rechtliche Berhaltniß in ber alten Unflarbeit bestehen ließ. Bremen hielt zwar ben Anfpruch auf feine Reichsunmittelbarteit aufrecht, verfprach aber, fie vorläufig nicht prat tifc geltend zu machen. Gine gesteigerte Berruttung ber Finanzen und ein höchst zweifelhafter Rriegeruhm mar die einzige Frucht, die Schweden aus dem unbedachten Unternehmen zog.

Die finangiellen Schwierigkeiten, ber Steuerbrud, die Schulbenlaft, die Rarie XI. Berruttung und Lahmung ber gangen Berwaltung, Die Unzufriedenheit und Regierung. Gährung im Lande hatten bie außerste Sohe erreicht, als Karl XI. für mundig geb. 1885. erklart wurde und die Regierung in die eigene Sand nahm. Roch wußte man Charafter nicht, wessen man sich von ihm zu versehen habe. Er hatte einen mangelhaften bes Renigs

Unterricht genoffen, war bon feiner ichwachen Mutter wegen feiner garten Gefundbeit in jeder Beife verzogen worden; von Staatsfachen verftand er nichts und batte bisber wenig Intereffe dafür gezeigt; am Rriegswesen allein hatte er Freude; man mußte nur, bag er eine beftige, burchfahrende Art hatte; bon ber unbeugfamen Festigfeit seines Charafters und feiner Billensstärte batte man noch feine Broben. Es folgten bann die größtentheils ungludlichen Jahre bes Rriegs mit Danemart und Brandenburg (S. 618 ff.), welche alle Schaden und Leiden des Staatsmefens offentundig ans Licht brachten und noch fteigerten. Man fah, bas ber junge Ronig ein maderer Solbat mar, wie bas feinem fraftigen Gefchlecht im Blute Aber in jenen Jahren ber schweren Schichaleschlage reifte in dem jugend. lichen Fürsten auch ber feste Entschluß, bas Staatswesen auf startere und gefunbere Grundlagen gurudanführen und ber ariftotratischen Migwirthschaft, Die bas Reich an ben Rand bes Abgrundes gebracht, ein Ende ju machen. Er fand für feine Bestrebungen eine treffliche Stute in bem ermähnten Johann Gollenstierna, ber in ben traurigen Beiten, ba bie gange Berwaltung labm lag und ber Staat auseinanderzufallen brobte, eine große Thatigfeit, Umficht und Uneigennutigfeit an den Tag gelegt und fich dem Ronig werth ju machen gewußt hatte. Spllenftierna, von ftreng ariftotratischen Grundfagen zum ergebenften Dienst des neu aufftrebenben Ronigthums fortgefdritten, murbe bald allmadtig, und feine gablreichen Gegner und früheren Gefinnungegenoffen rachten fich an dem Abtrunnigen burch ungerecht. fertigte Berdachtigungen, ale habe er hochverratherische Absichten auf die Rrone und das Leben bes Ronigs. Die Demuthigung bes hohen Abels und ber Sturg bes Reichsraths, die Ordnung bes Staatshaushalts, die Befreiung Schwedens von auswärtigem Gold und dem Dienft fremder Intereffen, die Beichrantung der Rriegs. und Eroberungspolitit und die Pflege der inneren Bohlfahrt, bas maren die Biele der neuen Regierung, und fie konnte bei dem größten Theil der Nation auf Buftimmung rechnen. Freilich hatte die Unterbrudung des übermächtigen boben Abels die ber Stande überhaupt zur Folge, und auf fcrankenlofer Grundlage erhob fich bas fouverane Ronigthum.

Ausmartige Bolitif.

Bon den auswärtigen Belthandeln hielt fich die fcwedische Politit unter Rarls XI. späterer Regierung so fern, als es bei den engen Bechselbeziehungen und in einander aufenden Intereffen der europäischen Lander möglich mar. Die große Rolle, Die Schweden seit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auf der Beltbuhne gespielt, hatte freilich die Grenzen des Reichs erweitert und den schwedischen Namen in ganz Europa zu hohem Ansehen gebracht, aber die innere Kraft und Sestigkeit nicht gefordert. Der Bund mit Frankreich hatte Schweden immer weiter in einer ungemessenen Croberungspolitik geführt und die Rraft bes Staats in fernen Unternehmungen aufgerieben. Rarl XI. aber bachte nicht an neue Erwerbungen, die mit Frantreichs Gulfe in der großen territorialen Ummaljung jener Beit vielleicht zu erlangen gewefen maren, fondern an Siche rung und Befestigung des Erworbenen. Damit ftand ein tiefgebender Umschwung in ber auswärtigen Politit Schwebens in Berbindung. Bunachft wurden, soweit ber altr Baber und bie nie gang befeitigte Gifersucht zwischen ben beiben Machten es gulies, engere freundschaftliche Begiebungen ju Danemart gesucht, als beren Ausbrud die Bermablung Rarls mit der iconen und fanften Bringeffin Ulrite Cleonore gelten tonnte. Sodann wurde eine Annaherung an den Raifer und die gegen Frankreichs Uebermacht verbundeten Staaten vollzogen. Bengt Drenftierna, ber nach dem Lobe des energischen und weitblidenden Johann Spllenstierna (+ Juni 1680) die Leitung der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übernahm, wirkte mabrend feiner langen Amtsführung unabläffig im taiferlichen Intereffe, trop vielfacher Gegenbemühungen von Seiten des frangofischen hofes und der noch immer einflugreichen frangofischen Partei in Schweden, an deren Spipe der intrigante Graf Rils Bielte ftand. 3m Berein mit den Allierten nahmen schwedische Truppen an den fpateren Rriegen gegen Frankreich theil, wenn gleich der Eifer nicht gerade groß mar. Es gelang Ludwig XIV. nicht mehr, ben fcwebischen Ronig zu einer Allianz oder auch nur zu einem Reutralitätsvertrag zu bewegen, und Rile Bielte, ber mit Ogenftierna in immerwahrendem Rampfe lag, fiel am Ende ganglich in Ungnade. Die fdwedische Friedensvermittelung (6. 591 f.) war das Gingige, was die frangöfische Politit erreichen tonnte.

Ein Mann weder von genialer Berrichergose noch von icopferifden 3deen, Reformen ber Bermals hat Rarl XI. doch die fowebische Staatsverfaffung und Bermaltung, die polis mung und tijden und focialen Buftande von Grund aus umgestaltet und in die innere Ent- bie materielle widlung bes Landes weit folgenreicher eingegriffen als die großen Schlachtenbel- Boblfabrt. ben, die vor und nach ihm auf bent Throne fagen. Raftlos, mit Barte und Rudfichtelofigteit, mit unermudlicher Arbeitefraft und hingebung, mit einer seltenen Bahigkeit bat er nach seinem Biel gestrebt; pon Allem nahm er selbst Einficht, griff überall forbernd und anspornend ein, durchreifte monatelang die Lander feines Reiches, um fich mit allen Berhaltniffen bekannt zu machen, und erfüllte mit bem oft übergeschäftigen Gifer, ber ihn antrieb, auch feine Untergebenen; ein schwedischer Beautenstand, der nichts als den Dienst des Ronigs und Staats tannte und in ber bingebendften Pflichterfüllung feine Aufgabe und feinen Stoly fab, ift nur unter Rarl XI. großgezogen worden.

Biel Segenbreiches bat diefe Regierung geschaffen, alle 3meige bes Bandels und Gewerbwefens wurden mit unermudlicher Fürforge, mit Aufmunterung aller Art, mit neuer Anregung bedacht; Sicherheit bes fowebifden Seehandels mar bas hauptfach. lichfte Biel, welches der Ronig bei den diplomatischen und friegerischen Berwicklungen in den beiden letten Decennien des Jahrhunderts verfolgte; hohe Schutzolle und Cinfuhrberbote maren freilich in erfter Linie die Mittel, durch welche die Bollswirthichaft jener Beit die einheimische Industrie zu beforbern meinte. Unter ber Auforge ber Regierung entftanden neue Strafen und Ranale, der Boftvertehr wurde verbeffert; gang befonderer Pflege erfreute fich bas wichtigfte Gewerbe Schwedens, ber Bergbau, die Rupferund Eifengruben; Graf Fabian Brede, ber einfichtsvolle Leiter der Finanzberwaltung, entfaltete in diefer Sinficht eine febr ersprießliche Thatigkeit. Durch die ftrenge Ueberwachung der Beamten und Richter, durch die Reformen in allen Zweigen der Berwaltung und Juftig bob fich ber Boblftand und die Rechtsficherheit. Je mehr ber hobe Abel die zermalmende Sand des harten Konigs fühlte, desto freier athmeten die Bauern und die Stadtburger auf, benen Rarl ein gnabiger Berr mar. Benn auch beim Ronig die keiegerischen Reigungen nicht im Borbergrund ftanden, so verkannte er doch keineswegs die Rothwendigkeit einer ftarten heeresmacht in jenen eifernen Beiten. Das Rriegswefen war vortrefflich eingerichtet und zu jedem Schlage bereit. Die Flotte, um welche fich der Admiral Sans Bachtmeifter febr verdient machte, mar in beftem Stand. Gine

wichtige Acform im Geerwesen wurde dadurch erzielt, das an Stelle der allgemeinen Aushebungen, die daneben eine umsangreiche Werdung nöthig machten, jeder Landschaft die Ausbringung einer bestimmten Truppenzahl auferlegt wurde; dadurch wurde die Last, von der die Höse der Adels bisher vollständig bestreit waren oder doch nur in geringerem Mas betroffen wurden, gleichmäßig auf das Ganze vertheilt. Unter hestigen Kämpsen wurde die "beständige Aciticung", die sortan eine gerechtere und zweckmäßigen Grundlage der Accrutirung der schwedischen Ariegsmacht bildete, auf dem Reichstag des Jahres 1682 durchgesest. Und wie in alle Seiten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die Hand Karls XI. resornirend und organisstrend eingriff, so wurde jest auch die schwedische Kirchenordnung zum Abschluß gebracht, ein Wert, wobei der gelehrte Erzbischof Olas Svebilius sehr thätig war; auch hier zeigte sich die herrschende Strömung darin, das das königliche Kirchenegiment schaft hervorgehoben und die Racht und Selbständigkeit der Hierarchie eingeschant wurde.

Die Reinetion.

Die wichtigfte Frage, welche die gange Regierung Rarls XI. burchzog, betraf bie "Reduction" und die Berfiellung des finanziellen Gleichgewichts, und die gabe Energie bes Ronigs ließ nicht nach, ebe er feinen Blan bis in die letten Confequengen ausgeführt hatte. Bir haben icon ermahnt, wie fehr mahrend ber vergangenen Regierungen die Arongliter verfcleubert und entfremdet und damit dem Staate die finangielle Grundlage feines Beftandes untergraben worden war. Der Geldmangel brobte febe Regung des Staatslebens ju unterdruden, die gange Berwaltung ju labmen; Die Beamtenlöhne konnten Jahre lang nicht bezahlt werden, alle Bweige der Administration gerfielen, das heerwesen war in Berruttung, der Staatscredit aufs Tieffte geschädigt. Diefen an den Burgeln des Gemeinwefens nagenden Uebelftanden abzuhelfen, war das eifrigfte Bestreben Rarls XI., seit ihm die Beendigung des Rrieges die Sande fur die innere Regierung frei ließ. Es begann eine gewaltige politifche und fociale Ummaljung, es wurde ein tiefer Schnitt in die gefammten Befite und Befellschaftsverbaltniffe gethan. Man mag die Barte und Schonungslofigfeit bes Ronigs beflagen, Die por feinen Schranten bes Rechts, des Hertommens, der Billigkeit ftill hielt: allein bas Bohl des Staats erforderte eine fo burchgreifende Energie und eine Ausgleichung ber öffentlichen Laften und Pflichten gu Gunften ber untern Standt, auf Roften bes Dochadels, ber die langen Rriegszeiten und bie pormundichaftlichen Regierungen ju übermäßiger Bereicherung und gur Erwerbung einer politischen und socialen Stellung benugt batte, welche in den Rahmen der Gefammtheit taum mehr einzufügen mar. Der hohe Abel erhob freilich gegen die Blane bes Ronigs einen ftarten Biberftanb; allein die monarchifche Gewalt, der in der Reductionsfrage die untern Stande, die Bauern, die Burger, auch die Priefter und der niedere Abel mit aller Rraft jur Seite ftanden, murde Schritt por Schritt ber hochabligen Opposition Meister, und seit bem Reichstag von 1680 murben eine Reihe von Magregeln beschloffen und mit rudfichtelofefter Energie ausgeführt, welche das politifche, gefellige und materielle lebergewicht ber alten Abelsfamilien an ber Burgel Inidien. Auf jedem Reichstag murbe ber Biberftand geringer; Die beftigen Sturme, wie fie auf den bentwurdigen Standeversammlungen von 1680 und 1682 fich erhoben, wichen allmählich demuthiger Refignation oder dumpfer ohnmächtiger Gabrung. Bunachft murbe befchloffen, die Bermaltung ber bormunbichaftlichen Regierung Bu unterfuchen; die "große Commiffion", welche die Stande mit diefer Arbeit betrauten. trat unberzüglich in Thatigkeit und jog nicht nur die Bormunder, fondern den gangen damaligen Reichsrath zur Berantwortung; viele Große murden zu sehr bedeutenden Ruderflattungen verurtheilt. Baren icon bamit ber Bochadel und die reicheratblichen Familien empfindlich getroffen, so schnitt die gewaltige "Reduction", welche feit 1680 ind Bert gefest murbe, noch viel tiefer in ihre Intereffen ein. Bunachft murben bie

großen Leben, die Graf- und Freiherrichaften mit felbftandiger Gerichtsbarteit und Berwaltung eingezogen, die nach deutschem Borbild vor mehr als hundert Jahren einges führt worden, aber im fcwedischen Staatsleben nie Burgel gefclagen batten. In fortidreitender barte murde die Reduction auf immer neue Rategorien bon Gutern ausgebehnt, folieflich auf alle Befigungen, die jemals, auch in ben alteften Beiten, gur Rrone gehört hatten; tein Rechtstitel, auch nicht Rauf oder Taufch, hinderte die Rudforderung. Auch in den fpater erworbenen Landern, in ben Oftseeprovingen, in Bommern und Bremen murbe die Reduction ausgeführt. Der Leiter bes ichmierigen finangiellen Bertes mar Claes Fleming, ein Dann bon feltener Arbeitetraft und ichonungelofer Energie. Die gangen Grundbefigberhaltniffe wurden umgeworfen Guter eingezogen, bon denen feit Jahrzehnten Riemand wußte, daß fie ebemals juv Arone gebort batten, die von den zeitigen Inhabern mohl erworben und in gutem Glauben beseffen waren; wo fich mur in alten Grundbuchern oder vergeffenen Urtunden ein Anfprud der Rrone nachweisen ließ, murde er obne Ausnahme und Rudficht geltend gemacht. "Der Ronig", fagt Carlfon . "berfuhr bierbei nach ben ftrenaften Grundfaben. Das Recht bes Staates ftand in feinen Augen fo boch, daß jedes andere bor demfelben jurudtreten mußte, und als ber bochfte Bertreter beffelben glaubte er ohne Bedenten mit bem Befigthum der Gingelnen verfahren ju tonnen, wie en bas Bedurfniß bes Gemeinwefens erforderte. Seine Auffaffung der Sache mar, daß die Guter ber Rrone durch teine Berjahrung aufhoren tonnten ihr rechtmäßiges Gigenthum zu fein, und es tonnten und mußten in Folge beffen Gingichungen gemacht werden, wenn fie fur Befriedigung irgend eines öffentlichen Beburfniffes nothig waren. Auf Grund biefer Auffaffung maß er ber Beweisform nicht das Gewicht bei , welches allgemein geltenbe Archtsgrundfage unsmelfelhaft forberten". Biele reiche und machtige Abelsfamilien wurden bollfandig ju Grunde gerichtet; teine vergangenen Berdienfte, tein Anfeben und feine Burbe, auch nicht die Bermandtichaft mit bem Ronig icuste bor ber gefürchteten Reduction; ihr hervorragenoftes Opfer vielleicht mar der alte Reichstangler Magnus Gabriel de la Gardie; es gab teine große Familie, die nicht die empfindlichfte Einbuße an ihrem Bermogen erlitten batte, theilweise gerabezu in Durftigfeit verfest werden mare. In feche Jahren mar aus Privathanden an die Krone ein Capital in Grundbeffa übergegangen, welches mehr als 3 Mill. Reichsthaler jabrlicher Rente gab. Man muß den damals herrschenden Berth des Geldes in Betracht ziehen, um fich die Große der Besithummaljung vorzustellen. Auf dem Reichstag von 1686, wo icon aller Biderftand gebrochen mar, murde durch ein hart an den Staatsbanterott fireifen. des, febr willfürliches und unbilliges Berfahren, bas im Befentlichen in der Berabschung bes Binsfuses und Abrechnung der fraher bezahlten boberen Binfen vom Capital beftand, die riefige Staatsichuld um mehr als die Salfte vermindert. Es ift begreiflich, daß diese gemaltigen Singngoperationen eine ungeheuere Aufregung hervorriefen ; ber Das und die Bergweiflung machte fich in Schmabidriften, Drohungen und gefährlichen Conspirationen gegen ben Konig Luft; als Bleming in jungen Sahren ber übermäßigen Arbeitslaft erlag (1685), glaubte man an Bergiftung; viele Große, wie der ausgezeichnete Relbberg Otto Wilbelm von Königsmart, traten voll Unwillens in fremde Dippfe. Rizgends exregte die Reduction größere Mibstimmung und Gabrung, als in Livland, wo eine machtige, reiche und tropige Ritterschaft maltete und teine angefammte Lopalität gegen bas ichwedische Konigthum bestand. Aber auch bier murbe das Bert der Ruderstattung schonungslos durchgeführt, befonders unter dem harten und energischen Gomverneur Graf Saftfebr. Als Bortführer ber Ritterfchaft trat ba mals icon der Camptmann Iobann Meinhold von Batkul auf, ein ehrzeiziger, rachfühtiger und intriganter Mann aus altem livischem Abel. Mit Mube wurde der Aufruhr in Livland niedergehalten; tropige und drohende Aufdristen wurden dem König eingesandt. Allein noch überwog das gewaltige Ansehen des Monarchen und die Furcht vor seiner Macht. Der Führer der Bewegung, Patkul, stücktete außer Landes und spann seitdem an den auswärtigen Höfen seine rachssücktigen Umtriebe gegen Schweden. Bald nach des Königs Tod school in jenem Oftseelande die verderbliche Saat auf.

Die abfolute Monarchie.

Bie das materielle Uebergewicht des hohen Abels gebrochen wurde, fo auch feine politische Machtftellung; bie gange Staatsordnung Schwebens murbe unter Rarl XI. ju Gunften ber absoluten Monarchie umgestaltet. Der Reichsrath wurde von Grund aus reformirt und mit gang ergebenen Anhangern des Konigs befest; diejenigen Mitglieder, welche ichon mabrend der Minderjahrigkeit biefes Amt ausgeübt, wurden faft alle jum Rudtritt genöthigt. Unter bem Ramen "toniglicher Rathe" murde bies ftolge Collegium in eine rein berathende und vom Ronig ganglich abhängige Behörde verwandelt. "Diese uralte Institution", fagt Carlson, "trat in den Schatten und der Ausgangspunkt für eine neue Entwicklung der Staatsordnung Schwedens mar gegeben. Auf den Reichthum und bas Unfeben ber boben Aristofratie fich ftugend, hatte die frubere Autorität bes Reicherathes eine felbständige, wiewohl unbeftimmte Stellung im Staate eingenommen; bon ben Standen wie vom Ronig unabhangig, batte fie die Macht jener geleitet und bie bes letteren gezügelt. Bu einem nicht geringen Theile in Folge eigenen Berichulbens gezwungen, biefe Stellung, beren Grundfesten ichon erschuttert waren, aufzugeben, murde ber Reichsrath nun bas bienftwillige Bertzeug ber abfoluten Ronigsmacht, und als er nach ihrem Falle wieder zu Ginfluß gelangte, ericbien er als Organ ber Stände". Die Ronigsmacht feste fich fobann mit berfelben Leich. tigfeit und Schranfenlofigfeit über die Gewalt der Stande hinmeg, und auch diefe beugten fich bemuthig bor bem überlegenen Billen. Auf dem Reichstag von 1682 murde es ausbrudlich anerfannt, bag ber Ronig bas Recht babe, auch ohne Mitwirfung ber Stande Gefete zu erlaffen, ein Bugeftanbniß, bas prattifch allerdings nicht die Bedeulung hatte, die man ihm fpater beilegte ; benn bas ftaatliche Grundrecht der Besetzgebung war überhaupt nie unzweideutig festgestellt. die Mitwirfung des Reichstags nicht immer für nothwendig gehalten worden. und ce ift auch in bem Berfahren bei ber fpateren Gefetgebung nach jenem Befcluß teine Menderung gegen fruber zu bemerten. Die Steuerbewilligung mar fortan bas einzige unbestrittene Recht ber Stande und murbe ebenfalls nur in febr bemuthiger Beise ausgeübt, jumal Rarl XI. nach feinen großen Reductionen in seinen Steuerforderungen fich mäßigen konnte. Auf dem Reichstag des Sabres 1693 wurde in fortichreitender Gelbstentfagung die "Souveranetatserffarung" erlaffen, worin die Stanbe anerkannten, bag ber Ronig als ein fouberaner Burft, ber nach feinem Gutbunten befehlen tonne, ohne irgendwie befchrantt ober gebunden zu fein, ben Reichstag zu berufen nicht nothig gehabt habe, daß Se. Majestät als ein selbstherrschender, allein gebietenber und souveraner Konig einnefest ware, ber Riemanben auf Erben für feine Banblungen verantwortlich

sein, sondern nach seinem Gutbünken Macht und Sewalt habe, als ein christlicher König sein Reich zu beherrschen und zu regieren. Das war eine im schwedischen Recht und Hertommen nicht begründete Unterwürfigkeit, und es blieb denn auch in einer späteren Periode der schwedischen Geschichte der Rückschlag gegen die unumschränkte Königsmacht nicht aus. Die Staatsschöpfung Karls XI. ging an ihrer eigenen Ueberspannung zu Grunde und die augenblicklich durch eine überlegene Willenskraft niedergeworfenen Gewalten erhoben bald gefahrdrohend das Haupt. Die Borzeichen der Reaction ließen sich schon erkennen, als Karl XI. aus den Leben schied.

† 5. April 1607.

# 3. Dänemark und Norwegen.

### 1. Danemark unter Christian IV. und friedrich III.

Eine nicht minder tiefgreifenbe Umgeftaltung bes Staatslebens trat in bem Das banifche Ronigreich Danemart ein, wo in Folge einer Revolution, bei ber tein Eropfen ibum. Blut floß, ber beschränkteste Monarch Europa's zu absoluter Souveranetat gelangte und ber übermachtige Berrenftand feiner bedeutendften Rechte und Privilegien verluftig ging. Bir haben in fruberen Blattern ben monarchifden Abelsftaat bes banisch-norwegschen Reiches tennen gelernt (X, 567. XI, 857). Der burch die Babl ber ariffofratifchen Geschlechter jum Thron berufene Ronig ichien mehr ber Borfigenbe bes Reichstrathe als ber Berricher eines freien Boltes au fein. Denn er mußte burch eine Bahlcapitulation bie Krone mit fo vielen Bebingungen und Bugeftanbniffen ertaufen, daß die Gewalt und die Hobeitsrechte auf ein fehr geringes Machtgebiet beschränft waren. Die eblen Geschlechter, welche bie Königsmahl beftimmten, waren flets bedacht, ihre Privilegien zu mehren und die Staatslaften bon fich abzumalzen : wir wiffen, daß ihre Guter bon Steuern und Behnten befreit maren, ein Borrecht, bas fur bas Land um fo brudenber war, als die Gutsherren immer mehr barauf ausgingen freie Bauernschaften in ihr Bereich zu ziehen und gutshörig und leibeigen zu machen; fie hatten ausfolieftich die Reichsrathsftellen im Befit ; die Domanen faben fie als Erbauter an, tamen ben barauf laftenben Berpflichtungen in ungenugenber Beife nach und entzogen fich aller Rechenschaft; fle mußten fich Befreiung von Bollen und Abgaben und eine Ausnahmsstellung bei ben Berichten ju berschaffen; alle Staate- und Regierungegeschäfte lagen in ihren Sanden. Ronig Christian IV., sonft ein unternehmenber, thatfraftiger Fürft, war nicht im Stande in diefe Berhaltniffe Banbel zu bringen : Die friegerischen Berwickelungen mit Deutschland und Schweden, in die ihn fein unruhiger Geift brangte, nothigten ihn, fich ben guten Billen ber Magnaten durch aufmertfames und entgegenkommendes Benehmen zu erhalten, und gestatteten ihm teine Muße zu inneren Reformen: Bergebens hatte er fich in Wien ein kaiferliches Patent verschafft, welches das

Recht der Erstgeburt und die Rachfolge ohne Bahl festsete; er vermochte dasselbe nur in den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Herrschaften zur Geltung zu bringen, während es in Danemark unbeachtet blieb.

Ghrift. 1V. + 1648.

Als Christian IV. in bem Jahre b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schluffes aus dem Reben schied, konnte sein zweiter Sobn Friedrich erst nach einem Interreanum. mahrend beffen die Ronigswahl vollzogen mard, zu der väterlichen Burde gelangen, so eifersuchtig suchte man die Idee einer Erbberechtigung fern zu halten. Und boch war Christian IV. ein volksbeliebter Regent. So wenig er auch vom Blud begunftigt mar, fo wenig die Friedensichluffe von Lubed und Bromfebro (XI, 918, 1004) ihm gur Chre und bem Lande gum Beil gereichten; bennoch wurde fein Rame gefeiert. Das Bolfelieb: "Rönig Chriftian ftand am hoben Maft" verherrlichte seinen Belbenmuth in ber Seefchlacht an ber Rolberger Beide vor bem Rieler Safen im Schwebenfrieg. Die neue Sauptfladt Rormegens, Chriftiania, die auf den Trummern des im Jahre 1624 durch Brand gerftorten Opelo errichtet worden, die Festung Bludftabt in Solftein, Christianstadt in Schonen u. a. veremigten fein Andenten; er galt als der Begründer der banifchen Marine; er brachte ben Seehandel in Aufschmung, fürderte die Anlegung von Colonien in Oft- und Weftindien, in Afrika und anderwärts und führte in Norwegen manche gute Cinrichtung ein; er trug fich fogar mit bem Gebanten, ben Bauernftand von ber brudenben Leibeigenschaft zu erlöfen, ein Gebanke, ber jedoch vor ben Augen des felbftfüchtigen Abels wenig Gnade fand. Gin gebildeter Fürft, ber mehrere Sprachen verftand, beförderte Christian IV. auch Bildung und Biffenschaften; Theho de Brabe erfreute fich der königlichen Unterflütung, wenn aleich nicht in fo reichlichem Mage wie unter bem Bater. Selbst feine große hipmeigung zu fconen Frauen, woraus viele hausliche Berruttungen für ihn und das Reich erwuchsen, brachte ibn nicht um die Ballsgunft.

Sausliche Rach dem Tode der Königin Catharina von Brandenburg schloß nämlich ChriBerhaltnisse. Goefig filan IV. eine morganatische She mit Christine Munt, der Tochter eines sütländischen Uhleste. Edelmanns, erhob sie zur Gräfin von Schleswig-Holstein und zeugte mit ihr zwei Sohne und acht Töchter, die er dis auf die jüngste als legitim anerkannte. Die Tächter wurden in der Folge mit eingebarnen Sdelleuten vernählt, von denen zwei. Hannibal Serhefted und Coefig Uhlesloh sich der besonderen Gunst des königlichen Schwiegervaters erfreuten und mit Gütern, Würden und Chrenstellen überhäuft wurden. Durch den Einsluß einer neuen Geliebten Wiede terennte sich Christian später von der Gräsin und hielt sie, obwohl ein gerichtliches Urtheil sie von der ihr schuldgegebenen Untreue freisprach, in Sesangenschaft. Dies reize Uhleseld, einen eben so liugen, talentvollen und unterrichteten als leidenschaftlichen und eine Keigeizigen Rann, zur Rache. Im Bertrauen auf seine Familienverbindungen, seinen Reichthum und seine bedeutende Stellung als Reichshosmeister suchte er nach dem Tode seines Schwiegervaters die Zeit dis zur neuen Königswahl im eigenen Interesse auszunußen. Den Gedanten, selbst als Throndewerber auszutreten, ließ er nicht laut werden, um nicht die Eisersacht der andern Seschlechtshäupter zu erregen; aber wenn es ihm gelänge, einem Bruder seiner Gemahlin, dem Grasen Waldenar die Krone zuzuwenden, wasted die

eigentliche Gewalt boch in feine Sanbe fallen. Darum mar er eifrigft bemubt, burch Berlangerung bes interimiftifchen Buftandes Beit ju Umtrieben und Intriguen ju gewinnen. Man fprach fogar bavon, ob nicht Danemart eines Ronigs gang entbebren tonne. Die feingesponnenen gaben gerriffen jedoch: felbft fein Schwager Seheftedt, Bicetonig von Rorwegen manbte fich von ihm ab. Friedrich III. murbe jum Ronig ge- 8. Marg. mablt; bod mußte er in einer Banbfefte ber Abelegemeinde neue Bugeftanbniffe auf Kosten der Königsgewalt machen: der Reichsrath legte fich bei Erledigung einer Stelle das Borfchlagsrecht bei, wodurch das durch Cooptation ergangte Ariftofraten-Collegium ben Charafter eines permanenten Regierungsorgans erhielt; die bier höchsten Reichs. amter so wie die Statthalterwurde in Rorwegen sollten nur an solche Bersonen verliehen werben, welche ber Reicherath empfehlen murbe; teinen Befdluß biefes oligarchifden Rörpers follte der Ronig aufheben ober abandern durfen u. M. m.

Bie offentundig indeffen auch die Rante und Umtriebe Uhlefelds waren, griebe. 111. König Friedrich III., ein Mann bon ruhigem Temperament, trug es dem Chegatten feiner Salbichwester nicht nach. Er wurde im folgenden Sahr nach dem Saag gefandt, um mit ben Rieberlandern einen Sandels. und Seevertrag abzufchließen; Die Birtung biefer Gefandtichaftereise mar ber "Redemtions. Tractat", 1640. durch den die Hollander von der Entrichtung des Sundzolles gegen eine jabrliche Abfindungefumme und eine augenblickliche Geldhülfe entbunden wurden und dafür beriprachen, im Falle eines Rrieges Danemart zu unterftugen. Erregte biefes Abkommen die Unzufriedenheit der Großen, so hatte eine prunkvolle Rede, in der Uhlefeld ben ariftocratifc-monarchischen Staat Danemart mit dem ariftofratifcherepublifanischen Gemeinwefen ber Nieberlande auf gleiche Linie ftellte, am Bofe ju Ropenhagen Unftog gegeben. Besonders fühlte fich die Ronigin Sophie Die Konigin Amalie von Luneburg, eine ftolge, geistvolle und fluge Fürftin, welche Friedrich Amalie. noch als Abministrator von Bremen in jungen Jahren heimgeführt, burch bas Auftreten des aumagenden bochfahrenden Ebelmaunes verlett. Die trefflichen Eigenschaften der Ronigin maren allgemein anerkannt: Sie besaß Berftand, Muth und Ginficht; fie gab ihren Rindern eine gute Erziehung, fie theilte mit ihrem Gemahl alle Sorgen in treuer hingebung. Aber fie zeigte ben Deutschen am Sofe mehr Liebe und Bertrauen als ben Danen, ein unverzeihlicher Fehler in den Augen des eingebornen Abels. Durch ihre Fürsprache erhielten amei beutiche Beamten, ber "Rammerichreiber" Chriftoph Gabel aus bem Bremeniden, ein verftanbiger gewandter Mann und ber geheime Rammerfecretar Theo. dor Lenthe aus Luneburg trot ihrer bescheidenen Stellung großen Ginfluß bei dem Ronia.

Diefe nationale Eifersucht gab ben Sauptern der Oligarchie eine fefte Unter- Bof und Ditgarchie. lage für ihre perfonlichen 3wede: Uhlefeld und die übrigen Glieber ber toniglichen Rebenfamilie benutten bie hoben Reicheamter und ihre Stellung an ber Spite des Abels an einem fo übermuthigen anmagenden Auftreten, daß ber Sof und insbesondere die Königin fich daburch verlett und gurudgefest fühlten. Manches mag auf beiben Seiten gescheben sein, um die Spannung und gereizte Stimmung

٠;.

au fleigern; es beift die Ronigin sei ben Tochtern Christians IV. und ber Munt mit Stoly entgegengetreten; Uhlefelb und feine Bemablin murben bon Dina Binhofvers, ber Bittme eines Solfteiners, die fich in ber vornehmen Gefellichaft Butritt ju verschaffen mußte und durch Intriguen und 3mischentragereien 3mie tracht und Reindschaft zu ftiften suchte, bes Borbabens einer Bergiftung bes Ronigs beschulbigt; die Beigerung bes machtigen Reichshofmeisters, Rechenschaft über die Berwendung ber Staatsgelder mahrend seiner Gesandtschaft abzulegen, ließ schlimme Absichten argwöhnen. Daß Dina Binhofvers von Ublefeld wegen Berleumdung und falfcher Beschuldigung gerichtlich angetlagt von dem Reicherathe jum Tobe verurtheilt ward, galt in ben Soffreisen nicht als Beweis ihrer wirklichen Schuld; es war ja bekannt genug, welchen Ginfluß die machtigen Abelshäupter auf die gerichtlichen Entscheidungen zu üben pflegten. Und wirklich wiederholte Georg Balter, ber fich einft als Commandant von Rendsburg burd feine Tapferteit großen Ruhm erworben hatte und von dem Konig jum Oberften und geheimen Rath beforbert worben, nach ber hinrichtung ber Berurtheilten Diefelbe Befchuldigung. Auch gegen ihn reichte Uhlefeld eine Anklage bei dem Reichsrath ein; ber König aber, um ein neues Bluturtheil zu verhüten, verwies ben Oberft aus bem Lande und entzog ihn fomit ber Rache bes Feindes. Darin erblidte ber Reichshofmeifter nicht nur eine tobtliche Beleidigung, fonbern auch bie Bull 1651, geheime Abnicht ibn au verderben. Er entfloh baber nach Amfterdam und begab fich bann an ben ichwebischen Bof, um blefen gur Erneuerung ber Danentriege qu

reigen. In Ropenhagen aber benutte man bas hochverratherische Beginnen Ublefelds zu einem Schlag gegen die ganze Berwandtschaft. Ebbo Uhlefeld, gleichfalls mit einer Tochter ber Chriftine Munt vermählt, und Graf Baldemar, bem Corfix einst die Rrone zu verschaffen gesucht, folgten bein Beispiel bes Bruders und Schwagers, und auch Sehestedt, beffen Treue eben fo wenig zuverläffig war, als bie ber andern, entwich aus dem Reiche. Ihre Buter wurden unter Sequence gelegt, bann eingezogen, ihre Memter und Chrenftellen an Undere bergeben. Die Strafe mar hart, aber nicht unverbient; Die Folge bewies, bag bie ubermuthigen Abelshaupter alles vaterlandifchen Gefühls bar waren und nur bon egoistischen Breden geleitet murben.

Uhlefelb unb

Sahrelang weilte Corfig Uhlefelb in Stocholm, ohne fein Biel zu erreichen : ber ber Schwe Ehronwechsel in Schweben , der polnische Rrieg , in welchem Graf Baldemar im heere Rarls X. feinen Tob fand, alle die Berwidelungen und Beitverhaltniffe, die uns auf früheren Blattern befannt find, verhinderten die Erneuerung der alten Sehden gwifchen ben Rachbarreichen. Erft als Raris X. Baffenglud und die andern oben angebeuteter Urfachen die Effersucht und Beforanis ber danischen Regierung und Stande erwechten. fo daß Friedrich fich in die nordischen Rriege einmifchte und dadurch den waffengeübten

Schwedenfonig felbft in das Infelreich hineinzog, reiften auch die Racheplane Uhlefelds. Bebr. 1658. Er war es, der den Rothschilber Frieden vermittelte, ein Denkmal der Schmach seines Baterlandes, für ihn felbft aber und feine Genoffen die Biederherftellung in ihre Guter und Ehren (S. 612). Bir wiffen, wie turg biefer Friede dauerte. Rur bem patriotiiden Auffdwung der Ropenhagener Burgericaft und dem beldenmuthigen Benehmen des Ronigs und ber Ronigin mar die Rettung der Sauptftadt ju banten, bis der unerwartete Tod Rarls X. den Frieden von Ropenhagen herbeiführte (S. 615).

## 2. Die danische Revolution vom Jahre 1660.

In jenen großen Tagen ber Prüfung, da fich die begeifterte Boltstraft fo Der Reichewunderbar entfaltete, hatte man die deutsche Fürstentochter Tag und Nacht auf Ropenhagen. den Ballen berumreiten seben balb allein, bald an der Seite bes Gemahls, Solbaten und Burger ju Rampf und Biderftand aufmunternd, mabrend ber Abel auch in diefer Beit ber Roth seine Gelbstfucht nicht verleugnete. Seine Immunitaten, fur bie er bem Staate bestimmte Pflichten leiften follte, fab er ichon langft nur als eine Quelle au Mehrung seiner Einfunfte und feiner Machtstellung an; man rechnete nach, daß er, obwohl im Befit von zwei Drittheilen des gangen Königreichs, boch nicht mehr als 70,000 Ribr. jur Unterhaltung ber Armee und Flotte beigetragen, und ftatt ben ihm obliegenden Rogdienst in eigener Berson zu berrichten, fandte er einige ungenbte Rnechte, Bauern oder Fuhrleute ins Weld; besto eifriger nahm er feiner Standesrechte mahr. Man hatte ben Rrieg hauptfächlich mit Diethfolbaten führen muffen, die nun auf ihre Löhnung brangen. Und woher Geld nehmen, ba eine große Schuld auf bem Staat lastete, die Raffen leer waren und ber niedrige Bacht für die Rronguter taum in Betracht tam? Das gemeine Befen litt an schweren Bunden, ju beren Beilung nun Mittel gefunden werden mußten. Bu dem Ende wurde auf den September ein allge- 8. Sept. meiner Reichstag nach Ropenhagen einberufen, bei dem die drei stimmberechtigten Stande: Abel, Beiftlichfeit und Stadtburger in voller Bahl vertreten maren. Die Bauernschaft, die ehebem gleichfalls an den Sigungen Theil genommen, war fo berabgetommen, daß fie langft teinen eigenen Stand mehr bilbete. Der größte Theil ber Rronbauern war durch Bfandschaft ober Rauf unter Die Gewalt bes Abels gerathen und leibeigen geworben. Rach der Eröffnung bes Reichsconvents murbe von der Regierung die Aufgabe gestellt : "daß Mittel ausgefunden werben mußten gur gebührenden Unterhaltung des Ronigs und feines Daufes; Milig, Flotte und Festungen in guten Stand zu fegen, die Reichs. schulben zu tilgen und auswärts den Credit der Krone zu erhalten". Bu dem Ende wurde eine allgemeine Consuntions-Accise in Borschlag gebracht, wie sie einige Beit vorber in Solland und England eingeführt worben. aber die Berren vom Reichsrath und vom Abel, daß fie felbst vermöge ihrer Immunitaten für ihre perfonlichen und häuslichen Bedürfniffe von einer solchen Abgabe befreit waren, nur die beiden andern Stande und die Bauerschaften follten berfelben unterliegen. Es klang baber wie eine Rriegslosung, als ber Bifchof bon Seeland, Sans Svane und ber erfte Burgermeifter bon Ropenbagen Ranfen, ein erfahrener verftandiger Mann, ber fich im letten Rrieg durch vaterlandischen Muth hervorgethan hatte, die Bemerkung hinwarfen:

"Das natürlichste mare mohl, daß ber Ronig vor allen Dingen fich in ben Befit seiner Domanen sette und alles fünftighin bem Meiftbietenben verpachten wurde, ausgenommen mas ben Reichsrathen an Befoldungs. Statt angewiefen fei. Burbe bies nicht zureichen, fo moge fur ben Reft eine Confumtionsfteuer eingeführt werden und der Adel babei vorangeben". Es läßt fich denken, welchen Sturm bas Auftreten ber Bortführer ber Beiftlichfeit und Burgerichaft, Die fich gleich Anfangs bas Berfprechen att gemeinschaftlichem Borgeben gegeben batten, bei ben privilegirten Berren erregte. Raufen war ohnebies icon um feiner beutfchen Bertunft willen ben Infeldanen in der Seele verhaßt. Bald nachber murbe ein Schriftftud befannt, welches ale ein offenes Manifest gegen ben gefammten Abelstand betrachtet werden tonnte: barin war nicht nur die Burucfforberung und Reuberpachtung ber Kronguter und die allgemeine Bollpflichtigfeit empfoblen. fondern auch die Berminberung ber Staate- und hofamter und die Grichtung einer gemischten Auffichts-Commission zur Brufung und Controlirung aller Ginnahmen und Ausgaben bes Reichs. Es ging ein revolutionarer Luftzug aus bem britten Stand bervor : mabrend ber Abel wochenlang mit fleinlicher Seele feilschte, wie hoch ober gering fein Antheil an der einzuführenden Accife geseht werden mochte, und in einer weisen Sparfamteit im Bof- und Staatshaushalt und in ber ausschließlichen Anftellung-auter banifder Manner Die Summe feiner Reformvorfclage jufammenfaßte; ftrebte ber willenstlare carafterfefte Ranfen und Sand in Sand mit ihm der redegewandte vorfichtig-linge Svane auf eine Umgeftaltung bes gangen beftebenben Berfaffungsbaues bin. Mit Umgebung bes Reichstraths übergaben fie bem Ronig felbft ein mit gablreichen Unterschriften versehenes Schriftstud, in welchem eine Domanen-Reduction als erftes Beilmittel bes franken Staatsorganismus verlangt war.

Abichaffung

Gine folde tief eingreifende Dagregel tonnte jedoch nur bann mit Ausficht ber Capitul. Lation und auf dauernben Beftand burchgeführt werden, wenn die Capitulation befeitigt und Begrunbung bas Erbtonigthum gefehlich begrundet warb. Dies war auch die Anficht ber Ronigin und bes gewandten ftaateflugen Rammerichreibers Gabel, und burch fie wurde auch ber Ronig ju der Ueberzeugung gebracht, daß nur burch einen folden Staatsftreich bas banifche Ronigreich bom ganglichen Schiffbruch gerettet Es tam bem geraden ehrlichen Fürften ichwer an, gegen feinen Rronungseid zu handeln, in ein Complot zwischen bem Bof und ber ftanbifden Opposition zu willigen. Aber er traute ben Absichten und flugen Rathichlagen Gabels, ber die Seele bes gangen Unternehmens und ber Bermittler und geheinn Agent zwischen den Betheiligten war. Unter bem Borwand, größere Sicherheit für bie aufgeregte Sauptftadt ju ichaffen, wurde eine Burgerwehr errichtet und bem Befehlshaber ber Befahungstruppen General Schad, einem zuberlaffigen Unbanger ber königlichen Onche untergeordnet. Bergebene fuchte der Abel, dem es unheimlich zu werden anfing, die Berbindung gwifden Geiftlichkeit und Burgerschaft zu gerreißen, indem er aussprengen ließ, auch der Rirchenzehnten follte

abgeschafft werden; es gelang dem beredten Bischof, die Besorgnisse seiner Collegen zu zerstreuen und bas einträchtige Busammengehen beider Stande zu erhalten. Erbreich mit Ausbebung der Capitulation war die Losung.

Die Ginführung einer Steinpelfteuer, ju welcher ber Reichsrath ben Ronig nothigte, vermehrte die verbitterte Stimmung unter bem Burgerftande. Soll bamit ber Finangnoth abgeholfen werben? fragte man ironifc. Wie erkaunte ber Reichshofmeifter Boach, bon Geredorf, als ibm am 8. Ottober zwei mit den Unterforiften fammtlicher Abgeordneten der Geiftlichkeit und des Burgerftandes verfebene Gefuche überbracht wurden, das man dem Ronig die Rrone des Reichs als Erbs trone anbieten folle. Auch seine herbeigerufenen Collegen vernahmen das unerhörte Berlangen mit Entfegen. Ge vergingen mehrere Tage in ber größten Aufregung. Die hoben Berren bestritten ben Abgeordneten bas Recht, einen folden Antrag, ber in ben jur Berhandlung beflimmten Puntten gar nicht inbegriffen fei , in ben Reichstag ju bringen; beibe Theile wandten fich an ben Ronig, Die Ginen, daß er den Convent auflofe, die Andern, daß er ihre Bitte gemahre. Auf der Schlopbrude begegnete der Reichstrath Otto Krag der ftadtischen Deputation. "Rennt ihr diesen?" fragte er den Führer Ranfen, indem er mit brobender Geberde auf den blauen Thurm, das Gefangniß für Staatsverbrechet hinwies. "Bas bangt bort oben?" entgegnete ber Angeredete auf ben Diechthurm mit ber Sturmglode zeigenb. Wie milbe und falbungsvoll und dech wie nachdeudsam floffen die Borte von ben Lippen des Bischofs, bald um dem Konig in feierlicher Audiens die Erbirone als Dant der Ration fur die muthige Singabe an das Baterland anzubieten, bald um die herzen des Reichsraths und Adels zu rühren, baf fle bei bem großen Berte gemeinfame Sache mit ihnen machen mochten. Seine Borte brachten auf die fteinharten Seelen der Magnaten feinen Eindrud herbor, wohl aber bie einmuthige Baltung und bas fefte Auftreten ber beiben Stande, von denen feiner wich und mantte. Det Reicherath hatte feine Beigerung auch damit gewechtfertigt, daß das Collegium unvollständig fei; da wurde von der Ropenhagener Burger-Schaft ein Gefuch an den Ronig gerichtet, er moge die erledigten Stellen beschen aber nicht mit Abeligen, sondern mit Gliedern aus bem Burgerftand und ber Geiftlichkeit, und mit Richtern und Beamten. Bei ber Aubleng im Schloffe faben die Anwesenden mit Erstaunen, daß Sannibal Schestedt vertrantich nett bem Bofe vertebre und fich freundlich mit Soane unterhalte, ein Beweis, daß diefer Edelmann erften Ranges fich bon feinen Standesgenoffen wie einst von Corfig Uhlefeld abgewandt habe und des Konigs Sache zu führen bereit fei. Friedrich hatte nun alle Bedenten übermunden, freudig und enticoloffen erklarte er, wenn Reichsrath und Abel fich nicht mit bem Rierus und Burgerftand vereinigten, murbe er von den letteren allein fich jum Erbfonig erheben laffen. Es weiste eine untermitche Luft in Kopenhagen: "die ganze Landesvegierung fand fill, es war eine Baufe bes neuen Berbens". Man horte mohl bie und ba berhafte Meußerungen, daß man eber Gut und Blut hingeben als in das Erbreich milligen murbe; aber man glaubte nicht an folde großsprecherifche Betheuerungen; denn gleichzeitig fuchte mancher in mitternächtiger Stille fich aus ber Stadt zu fiehlen; bie Bade ließ fedoch Riemand zum Thor hinaus, bet nicht einen Bag von Burgermeffet Ransen hatte. Bu allem Unglud lag auch der Präfident Gersborf während der Beit auf dem Arantenbette. Reichstrath und Abel ertannten endlich die Rothwendigkeit, in die Erb. ligleit ber Rrone ju willigen; um aber ihre Brivilegien burch ein Bollwert ju fougen, follte der Bahlcapitulation teine Erwähnung geschehen. In dieser Form wurde am 13. Oftober in einer feierlichen Reichstagsfigung dem anwefenden Ronig die Gabe bon den Bortführern der drei Stande bargebracht, wobei Ranfen die hoffnung aussprach,

daß in Butunft auch Geiftlichkeit und britter Stand eine Stimme im Reichsrath haben murben. Aber war benn eine durchgreifende Berfassungereform möglich , fo lange die Capitulation, das Palladium des Reichsraths und Abels zu Rechte bestand? Dem erften Schritt mußte nothwendig ber zweite folgen.

Die tonigs Ein gemischter Standeausschuß von zwanzig Personen soure am sougenven unt. 14. Dit. Tag in einem Saale des Schlosses die fünftige Staatsordnung in Ueberlegung nehmen : es war eine beiße fturmifche Sigung und berbe Borte wurden ausge-Die Meinungen und Anspruche gingen fo weit auseinander, bag aus bem Schoofe ber Berfammlung feine Bereinbarung zu erwarten ftanb. Benn auch ber Rundamentaliat nicht mehr bestritten mard: "bag bas Babltoniathum fammt ber barauf beruhenden Capitulation in Danemart aufgehoben fein und bie Rrone Friedrichs III. Rachtommen mannlichen wie weiblichen erblich aufteben folle", wenn man auch ben Ronig von bem auf die Berfaffung geleifteten Gide au entbinden für nothwendig hielt; fo verzweifelte man boch bald an ber Dog. lichfeit, fich über ein neues Staatsgrundgefet zu vereinigen, bas an die Stelle der bisherigen Sandfeste treten möchte. Die Einen wollten möglichst viel von ihren Borrechten behalten, die Andern die Gleichberechtigung Aller durchgeführt Bei biefem Bwiefpalt ber Meinungen gelang es ber fanften einschmeidelnden Beredfamfeit Svaues die Berfammlung ju überreben, daß man die gange Sache vertrauensvoll in die Bande des Ronigs legen, ihm eine dictatorifche Gewalt übertragen follte, damit er eine neue Ordnung schaffe. rechten, weisen und frommen Sinne bes Fürften fei zu erwarten, bag er Alles aufs Befte einrichten werbe; er habe von feinen Borfahren ein reiches Das von Tugenden und edlen Gigenschaften ererbt, er habe im letten Rrieg feine Bater. landeliebe und feinen toniglichen Beift in fo glangender Beife bethatigt, daß man zu bem Glauben berechtigt fei, er werde bas Glud und die Boblfahrt bes Reiches aufs Gewiffenhaftefte mahrnehmen; man folle bem Bort ber Schrift nachkommen: "wer ba bat, bem wird gegeben, auf bag er die Fulle babe". Die treffliche Rebe bes Bifchofs gundet ein ben Bergen ber Anwesenden, fie zeigte einen Ausweg aus ben Irrgangen ber politischen Zwietracht. Reichsrath und Abel hatten erkannt, daß die bestehenden Rechte und Formen nicht mehr in ihrer ganzen Integrität erhalten werden tonnten: mußten fie aber Opfer bringen, fo burften fie von dem Ronig mehr Billigkeit und Rudficht erwarten, als von bem Burgerftand, ber die Lofung "Freiheit und Gleichheit" ausgegeben; und auch die Bubrer ber andern Factionen wollten lieber einen Fürften, ber ihnen ju Dant verpflichtet mar, jum Ordner bes fünftigen Staatswesens annehmen, als einen Berfaffungstampf beraufbefcworen, ber leicht Elemente in die Bobe bringen möchte, die ihnen nicht minder gefährlich werden tonnten als bem Berrenftand.

14. Dit. So wurde benn noch an demfelben Abend eine Urtunde aufgestellt und unterzeichnet, fraft beren Friedrich III. als erblicher Ronig regieren und fatt ber nun hinfallig gewordenen Capitulationsverfassung eine neue Staatseinrichtung bod mit Berückfichtigung der bestehenden Privilegien treffen möge. "Alle hofften jest durch eine und dieselbe Politik zu gewinnen, und kein Theil wollte dem andern bern Bortheil der resignationsvollsten hingebung an den König allein lassen".

Ein feierlicher Hulbigungsalt, mit dem größten Glanz unter freiem Himmel in Scene gesetzt, war die Einweihung der neuen Aera in der Geschichte von Dänemart; sie machte den beschränktesten Monarchen von Europa zum undeschränktesten. "Wer aber vielleicht vor zwölf Zahren die Krönung und erste Huldigung gesehen hatte", bemerkt Spittler, "und jezt sich erinnerte, welche Kolle damals Uhleseld gespielt, er der gegenwärtig mit seiner Gemahlin auf Bornholm gesangen saß, dem mischten sich doch wohl bei allem Prunt und Zubel auch seltsame Gesühle mit ein ob der Bergänglichseit aller menschlichen Herrlichtet und Größe." Der neue Huldigungseid wurde von allen Ständen mit Begeisterung geleistet. Bu Ansang hielt der Kanzler eine Anrede an die Bersammlung des Inhalts: "der König lasse durch ihn für diese ihre Liebe danken und gebe das Bersprechen, daß er nicht allein als ein gnädiger Herr und hristlicher Erdsönig regieren, sondern auch allernächstens eine solche Regierungsform anordnen wolle, daß gewiß alle seine Unterthanen von ihm und seinen Erden eine christliche und milde Herrschaft zu erwarten haben sollten."

#### 3. Danemark als unbeschränkte Monarchie.

Mit diefer Erbhuldigung, die vier Bochen nachher in berfelben feierlichen Reue Regie-Beije von Vertretern aller Stande wiederholt ward, hatte fich die Ration dem gien. König auf Gnade und Ungnade ergeben. Riemand konnte fagen, wann und wie die neue Ordnung eintreten werde. Bei dem Adel und Reicherath entschwand bald der Rausch der Begeisterung; ware nicht Schweden gleichfalls in einem Buftande ber Berruttung gewesen, so hatten leicht neue Complotte entstehen fonnen; und auch die andern Stande, die ein goldenes Beitalter erwartet, ftimmten ihre hoffnungen berab. Gine allgemeine Umlage für den Unterhalt einer betrachtlichen Militarmacht, welche ber fouverane Ronig junachft anordnete, war gerade nicht geeignet, die Gemuther ju befriedigen ober ju erheben. Bie begierig immer die Danen ber neuen Berfaffungsurfunde entgegenfaben; fie mußten ihre Ungebuld begahmen : Gabel übereilte fich nicht, es mar ihm nicht um die Berwirklichung von ftaatsrechtlichen Doctrinen zu thun; er faßte prattifche Biele ins Auge. Bunachft murden die hoben Reichsamter beseitigt und durch Regierungscollegien und einen Staatsrath erfett, worin auch burgerliche Mitglieder verwendet wurden; Sehestedt erhielt als Lohn für feinen Uebertritt jur Hofpartei bas Umt eines Reichsschatzmeisters.

Bon diesen Behörden gingen nun die Maßregeln aus, welche der Abelsgemeinde einen schlag versesten und manche Familie dem Auin nahebrachten. Die bisherigen Domanialpachtungen wurden abgeschafft und eine wirthschaftliche Selbstverwaltung eingeführt. Borgeschossene Kapitalien sollten, dis die Rūdzahlung möglich seinstweilen verzinst und statt der Grundhppotheken Schuldbriese dafür ausgegeben werden. Aber wie mancher behauptete Borschusse geleistet oder Lieserungen gemacht zu haben, deren Richtigkeit er nicht darzuthun vermochte! Staatsgläubiger dieser Art

49

murben als Betruger, verfolgt. Durch bie beiden Magregeln waren ber Ariftocratie bie Quellen ber Macht und ber Gintunfte auf Staatstoften verfchloffen. Denn mit einem Staatsrath, wo Svane, bas Saupt ber banifchen Rirche und Ranfen, ber Borftand ber Ropenhagenschen Municipalität, Die fich fortwährend ber koniglichen Gunft und Gnade erfreuten, Sit und Stimme hatten, und mit Regierungscollegien, deren Glieder und Beifiger jum Theil dem Burgerftande angehörten , deren Prafidenten dem Ronig unmittelbar Bortrag hielten, in denen Gabel und Lenthe bas entscheidende Bort führten. war die alte eigenmächtige Berwaltung der Reichstrathe und Reichsbeamten nicht mehr vereinbar. So verschwanden denn auch die hoben herren, die fruber ein Reben- und Mitregiment gebildet hatten, mehr und mehr aus dem neuen toniglichen Amis- und Regierungsorganismus. Sie konnten immerhin zufrieden sein, daß ihr Schidfal in die Sande eines milben und gerechten Monarchen gelegt mar; benn es fehlte nicht an Stimmen, die viel weiter gebende Magregeln verlangten; eine Reduction der Rronguter, fo burchgreifend wie fie bald barauf in Schweden burch Rarl XI. vorgenommen ward, fcien den Kronbauern das richtige Seilmittel. Gegen 6000 Bauernhofe, Die ehedem frei gewefen, feien durch die Gewaltherricaft bes Abels in eine Rnechtschaft gerathen fo brudend wie die agyptifche Sclaverei der Rinder Berael. Friedrich III. begnügte fich vor der Sand mit dem Errungenen: ein tonigliches Regiment gestütt auf eine abbangige Beamtenbierarchie und auf eine zuverlaffige Militarmacht und gleiche Berpflich tung Aller bei den Staatslaften bot ibm eine hinreichende Sicherheit fouveraner Racht. Er konnte fogar noch ber hoffnung Raum geben, daß er in hochwichtigen Dingen. wie bei der Entscheidung über Rrieg und Frieden, bei der Ginführung neuer Steuern und Auflagen neben dem Staatsrath und ben Regierungscollegien auch die Meinung ber Stände einholen werbe. Seine absolute Ronigsgewalt wurde dadurch nicht befdrantt: benn folde Stande befaßen ja nur eine berathende Stimme. ihre Befdluffe hatten nur ein moralisches Bewicht. Rur Corfig Ublefeld follte empfinden, bas man seine Umtriebe und schwedischen Sympathien nicht vergeffen habe. Mufs Reue unter Antlage gestellt entging er der Codesftrafe nur durch beimliche Blucht, aber feine folge hochsinnige Bemahlin murbe über zwanzig Sahre in der harteften Befangenschaft gehalten, ein Opfer ber unverfohnlich gurnenden Ronigin Sophie Amalie.

Das Rönigs: gefes.

Eine Staatsurfunde, die von allen Standen in Danemart und selbft in Norwegen und Island unterzeichnet wurde, war die felerliche Sanction Des Beschehenen, eine Souveranetatsacte, wodurch Die Ration die Errungenschaften der Revolution als rechtsbeftandig und als Ausdruck ihres Gesammtwillens anerkannte und guthieß, eine Urt Blebiscit, wie die fpateren Bollsabstimmungen in dem Bonapartefchen Frankreich. Geftütt auf Diefen Rechtstitel, traft beffen bem Rönig Friedrich III. und allen seinen Descendenten völlig unumschränfte Gewalt abertragen war, ging nun die Regierung auf bem Bege ber Reformen voran, doch ohne Uebereilung und Barte: Die Ginlosung der berpfandeten Domanen, neue Berpachtungen, Ausbehnung ber Freiheit über Baueruschaften, bie ehemals ber Krone gebort hatten im Laufe ber Beit aber leibeigen geworden waren, wurden allmählich und mit schonender Rudficht burchgeführt; Die Geifilichfeit murbe unabhängiger geftellt und in ihrem Gintommen aufgebeffert; bie Stadte, insbesondere Ropenhagen erhielten manche neue Rechte in Begiehung auf die innere Berwaltung und auf Sandel und Schifffahrt. Alles mas auf

diese Beise innerhalb mehrerer Jahre auf Grund ber Souveranetatsatte eingeführt wurde, erhielt dann feinen rechtsgültigen Abichluß durch das "Rönigsgesete" oder die pragmatische Sanction, worin ber Stammberr alle seine Rachkommen verpflichtete, die Souveränetät der absoluten Königsgewalt beilig und unverbrüchlich ju mahren, bei bem ebangelischen Glauben zu verharren und an bem Fundamentalfat zu halten, daß die Krone ungeschwächt und ungetheilt nach dem Rechte der Erstgeburt fich in der Dynastie vererbe. Dieses Ronigsgeset, "gleich. 14. 2000. fam ein Commentar über die Souveranetats-Atte", das der Ranglei-Secretar Soubmacher, ber Sohn eines Beinhandlers, ber feine natürlichen Anlagen durch eingehende Studien und große Reisen ausgebildet und in verschiedenen Stellungen feinen Scharffinn und politischen Beift bewährt hatte, entworfen und Theodor Reinfingt, ein berühmter Jurift in Gludftadt revidirt haben foll, murde jedoch erft fünf Jahre fpater, bei ber Kronung des neuen Konigs Chriftian V. Thriftian V. 1670—1699. veröffentlicht, als bie neuen Ginrichtungen fich bereits befestigt und eingelebt hatten. Bohl bielten fich Unfangs viele vom Abel in malcontenter Burudaezogenheit und machten bem in Brugge weilenden Corfiz Uhlefeld von ihrer Ungufriedenheit brieflich Mittheilung; aber mit ber Beit, als einer um ben andern von den älteren Herren zu Grabe ging, verfohnte fich die jüngere Generation mit ben veranderten Berhaltniffen. "Ber nur immer in seiner fleinen Spanne Beit lebt, ber tann nicht begreifen, wie fcnell das Gras wachft und wie viele Dinge bas schnell gewachsene Gras ruhig und ficher bedt. Ranfens Urenkelin wurde von einem Rrag als Gemablin beinigeführt. In der neuen Generation ergablte man fich mit Lacheln, mas für Rraufetopfe die Bater gewesen feien." Balb verfaßte ber hochgelehrte Professor 3. Bandal von Ropenhagen auf Grund ber Bucher Samuelis und anderer biblischen Stellen ein Bert über die Rechte eines absoluten Ronigs, bas ein tanonisches Unseben erlangte.

Das Bild eines orientalischen Despoten , das bort mit grellen garben bargefiellt Rene Raatsift, follte nach bem neuen Staatsrecht für jeden Ronig gelten, und es war nur Gnade Doctris. und Milbe, wenn er nicht den vollen Gebrauch von den ihm zuftehenden Rechten machte. So hatten auch einst in ben Tagen ber erften Stuarts bie bochfirchlichen Bifcofe gelehrt. Benn ein solches Königthum in Thrannel ausarte, dürften die Minister und Rathe Pitten und Ermahnungen anwenden, auch dem Bolte ftanden Bitten und Thranen frei. Aber jeder Biderftand fei eine Berfundigung gegen Gott, der die hochfte Gewalt unmittelbar gebe und dem, den er jum Konig einsete, bei der Salbung mit der Bulle der Gewalt innere fcopferifche Gaben verleihe. Bwifchen dem Ronig und der Bottheit bestehe eine fortwährende mystische Berbindung. Die Rechte, die fich früher die Stände angemaßt, feien Ufurpationen gewefen, die durch die Revolution von 1660 abgestellt worden. Das absolute Erbkonigthum fet die einzig rechtmäßige von Bott eingefeste Bewalt und Dbrigfeit. Abam fei ber erfte Ronig gewefen.

Solchen ftaaterechtlichen Theorien praktische Geltung zu verschaffen, war das Beter conbpolitische Bestreben des staatsllugen Ministers Beter Schuhmacher, der nach dem Graf von Breifenfelbt. Beifpiele Richelieu's burch zwedmäßige Einrichtungen bie abfolute Monarchie vollends ausbildete und gum Dant für feine Berdienste von Christian V. gum

Grafen bon Greifen feldt jum Großtangler und Ritter bom Elephantenorden, jum bochsten gefellschaftlichen Rang erhoben ward. Ein nengeschaffener Grafen, 1671. und Freiherrnftand mit bestimmten Brivilegien und hierarchischen Abstufungm und die Errichtung des Danebrog-Ordens feffelte die Aristocratie an den Thron und brachte burch ben Stachel bes Chraeizes die alte felbständige Abelsmacht in Bergeffenheit. Menschliche Citelleit griff begierig nach dem Spielwert und berhüllte die Ohnmacht mit einem von der Krone verliehenen Schimmer. Dit Titel und Orben geschmudt fanden die abeligen Berren bes Rordens leicht Butritt gu ben Pariser Salons und zu ben Hoftreisen Ludwigs XIV.

Belde Sefahren aber die absolute Konigsgewalt in ihrem Schooke berge, follte Greifenfeldt felbst erfahren, er der Sohn des Gluds, der ftolge Emportommling, den die konigliche Gnade mit Reichthumern und Chren überschüttet hatte. Eros feiner Berdienfte um die Erhöhung und Befestigung der fouveranen Rachtftellung und um die Berbefferung der Rechtsverhaltniffe und des Gerichts- und Polizeiwefens in Danemart und Rorwegen burch Aufftellung eines neuen Gefetbuches und trot feiner auch in ber 1676. auswärtigen Politit bewiesenen Umficht erlebte er einen tragischen Ausgang. Es gelang einer machtigen Abelsfaction, Die Giferfucht bes Ronigs gegen ben Rangler ju erweden, als ob er fich ju große Gewalt und Chre anmaße und durch ungerechte Mittel und berratherifche Berbindungen mit auswärtigen Sofen fich bereichert babe. Er bertheidigte fich mit Burbe und überzeugender Beredfamteit; aber die Beinde maren ju gahlreich. Er wurde jum Tobe und jum Berluft feines Bermogens und feiner Chre verurtheilt. Auf dem Schaffot wurde ihm das Leben gefchentt, aber die Umwandlung der Strafe in lebenslängliche Sefangenfcaft konnte taum als ein Att der Gnade getten Er mußte drei und zwanzig Jahre lang in harter Rerlerhaft fcmachten zuerft in Friedrichshaven und dann, als die Gegner aus einer Bemertung bes Ronigs, "ber einzige Breifenfelbt habe ben mahren Rugen Danemars beffer eingefehen, als jest ber gefammte geheime Rath" eine Menderung feines Schidfals befürchteten, in dem entlegenen Thurm von Muntholm bei Drontheim. Bon Chriftian endlich in Freiheit gefest ftarb er einige Bochen darauf im selben Jahre mit dem Konig, eine furchtbare Barnung für alle die fich bagu hergeben, ben Billen ber Ronige von den Feffeln des Gefetes ju lofen.

Chrift. V.

Gegen den Rath des Ranglers hatte fich Chriftian V. in den großen Coalihattere Res gierung. tionstrieg wider Ludwig XIV. eingelassen, in der Hoffnung, mit Hulfe der Berbundeten die an Schweden abgetretenen Landschaften wieder zu erlangen und feinen Bermandten, ben Bergog Chriftian Albrecht von Schleswig - Solftein-Gottorp, ben Grunder ber Universität Riel (1665), ber mit bem hofe von Stockholm durch Familienbande und politische Sympathien befreundet war, seiner felbständigen Berrichaft zu berauben. Bir haben die Bechselfalle biefet Land- und Seetriege im Busammenhang mit den brandenburgifch-fcmedifchen Feldzügen tennen gelernt (S. 622 ff.). Den Berzog lodte ber Danentonig unter bem Scheine vertraulicher Mittheilungen nach Rendeburg und bielt ibn bann gefangen bis er fich bereit zeigte, feiner vollen landesherrlichen Gewalt zu entfagen und die Festung Tonningen abzutreten. Aber ber Friede bon St. Germain ficherte nicht blos die Integritat Schwedens; bem Bergog von Bolftein-Gottorp mußten auch alle Lauber und Berechtsame gurudgegeben werden, die traft alterer

Friedensschlüffe ihm gebührten. Chriftian Albrechts Sohn, ber feinem Bater in der Berrschaft folgte, trat burch seine Bermählung mit einer Tochter Rarls XI. in noch nabere Beziehungen zu bem ichwedischen Ronigshaus. Um fo gespannter wurde fein Berhaltniß ju Ronig Chriftian, als diefer bei bem Tode bes Grafen Anton Gunther Oldenburg und Delmenborft, auf welches auch Gottorp und die Ploener Rebenlinie bes Bolfteinischen Saufes Unspruch erhoben, mit Danemart Auch an dem zweiten Coalitionsfrieg wider Frankreich nahm Chriftian V. Theil; wir wiffen, welchen Schreden ber banifche Ramen in Irland verbreitete, als der Rrieg amischen dem Dranier und dem von Frankreich unterftusten Stuart auf jener Infel jur Entscheidung tam (G. 564 f.). Dennoch schwebte ihm ber hof Ludwigs XIV. als Borbild vor Augen; auch Ropenhagen follte bon ben Berrlichkeiten bon Baris und Berfailles feinen Antheil haben. Eine Ritteratademie murde gegrundet, Die gefellichaftliche Bildung verfeinert, ein neues Opernhaus errichtet. Aber ber entsetliche Brand, ber bei ber Aufführung eines mythologischen Effektstides bas Theater sammt ber Amalienburg verzehrte und gegen dreihundert Menschen ben Flammentod brachte, blieb ben Bewohnern ber Bauptstadt lange im Gedachtniß. Es erschien wie ein Gottesurtheil gegen die eitle Ruhmbegierde bes nordischen Bofes.

# 4. Polen und Sachfen.

## 1. Polen unter den letten Wasa und die Kosakenkriege.

Babrend in Danemart die Abelsberrichaft burch einen aus ber Geiftlichkeit Der polnifde und der Bürgericaft hervorgegangenen revolutionaren Aft ber Gelbithulfe au Gunften bes absoluten Ronigthums gebrochen warb, gelangte biefelbe in Polen ju ihrer vollen Ausbildung, ju einer Aristocratenrepublit mit monarchischer Spige. Bir haben in früheren Blättern (VIII, 537 ff., XI, 870 ff.) ben Entwidelungsgang bes polnischen Staatswesens tennen gelernt. Als Sigmunds III. Cohn Blabiflam IV., ber fich einft mit bem Gebanten getragen, bas Mosto- Blabifwitische Reich mit bem polnischen zu vereinigen (XI, 899), durch die Bahl des 1632-48. Abels ben paterlichen Thron bestieg, mußte er die Brarogative ber Krone burch neue Bugeftandniffe an die herrschende Rafte vermindern. "Alljährlich sollte ein neues, aweites Biertel bes Ertrags ber foniglichen Domanial-Guter gur Erhaltung des ftehenden Militars und befonders zum Unterhalt der Artillerie ausgesett werden; blos die königlichen Tafelguter blieben von diefer Abgabe frei. Ueberdies follte der Mungertrag funftighin nicht mehr bem Ronig, sondern ber Republit Dhue alle Rudficht auf die Bohlfahrt und Sicherheit der Nation war der polnische Abel mit dem engherzigsten Egoismus nur bedacht, bei jedem Regierungsmechfel die Bacta conventa jum Bortheil feines Standes ju erweitern, feine eigenen Leiftungen für bas gemeine Befen auf bas geringfte Daß berabzufeben, die nichtabeligen Boltstheile von aller Mitwirtung am öffentlichen Leben

auszuschließen, fie an jedem freien selbständigen Sandeln zu hindern. Richt nur, daß die Gutsberren die eigenen Bauern in barter Leibeigenschaft hielten, fie wollten auch nicht zugeben, daß die Unterthanen in den Kronlandereien beffer gestellt wurden. Denn da die Domanialguter burch Bacht ober Pfanbschaft meistens in abeligen Sanden waren, fo konnten den Berren aus einer folchen Berfchiedenheit Ractbeile erwachsen. Die bauerliche Bevölferung follte Die gleiche Ruechtschaft ertragen; eine Ungleichheit wurde unter ben Borigen ber Abelsguter ein Berlangen nach Freizugigfeit, ein bedentliches Trachten nach Beranderung und Bewegung erzeugen. Und follte die Abelsgemeinde gar das Bürgerthum begunftigen, bie ftabtifche Bevollerung, ohnedies fo neuerungsfnichtig und fur Democratie und Gleichberechtigung fo empfänglich, burch Beigiehung gum politischen Leben mit Begierden und Bestrebungen erfüllen, die fich leicht zu einer gefährlichen Oppofition gegen ben Abel felbst fleigern konnten ? Bar es doch-eine burch die Geschichte binlanglich bewährte Erfahrung, daß bas Stadtburgerthum, wo es am öffentlichen Leben einen berechtigten Antheil hatte, mit ber Rrone gegen die Privilegirten gemeinsame Sache machte! So nahm benn bas polnische Staatswesen mehr und mehr die feste troftallifirte Form eines Organismus an, in dem alle Lebens. fraft in einer Abelstafte concentrirt war, welche ber Krone die Bahn ihrer Bewegung abmaß und burch enggezogene Schranten regelte, jedes fremdartige Element mit bespotischer Band niederhielt. Mit Arqueaugen machte die Ariftoeratie, daß die bestebenden Buftande und Ginrichtungen feine Beranderung erfuhren, daß die Berfaffung ber "Republit" Polen rein erhalten, die Freiheiten und Rechte ber herrschenden Rlaffe burch feinerlei Reformen beeintrachtigt ober burchbrochen wurden, alle Regierungshandlungen in ben engen Forinen ber Capitulationsrechte unter ftrenger Controle bes Reichstages fich bewegten. Es wurde bem Ronig nicht geftattet, nach bem Beispiele anderer Potentaten, burch Einführung von Orben oder Titeln, durch grafliche oder fürftliche Rangerhöhungen Die Gleichheit ber Abelsgemeinschaft zu foren; Die Glieber ber polnischen Ariftocratie buntten fich weit erhaben über alle flandischen Burden und Auszeichnungen bes Auslandes, fie hielten fich für Rurfürsten, benn bas Staatsoberhaupt mar ja nur ein Geschöpf ihrer Bahl, bas ihren Billen vollzog. Allein fo eintrachtig die Magnaten in dem Beftreben waren, die Konigsmacht au fcmachen und alle fremden und nichtabeligen Clemente fern zu halten, fo parteifuchtig waren fie unter einander, so fehr lähmten fie durch leidenschaftliches Nactionswesen, durch Umtriebe und Complotte jede nationale Rraftentfaltung, jede obrigfeitliche Autorität.

Johann Ca-

Wenn unter ber Regierung des Ronigs Bladiflam die außere und innere Rasaten. Ruhe wenig gestört ward, so lag die Ursache darin, daß im Westen alle Rationen auf bem großen deutschen Rriegeschauplat beschäftigt maren, im Often die Ruffen ihre Rrafte sammeln mußten, um die durch die langen burgerlichen Rampfe und Berruttungen einpfangenen Bunden zu beilen, und im Innern tein Bunbfioff ju politischen Parteifampfen vorlag. Aber noch ehe biefer Konig aus ber Belt

ging und fein Bruder Johann Cafimir auf Grund derfelben Pacta combenta Bofann zum König gewählt ward, erlitt diese Rube eine Unterbrechung durch ben seches 1648-1669. jahrigen Rosafentrieg, beffen Ausgang nicht minder zu ber Schwachung bes polnischen Reiches beitrug als ber unmittelbar barauf folgende Rrieg gegen Schweden-Brandenburg, der uns bereits bekannt geworden ift. Jener Theil des im Rorden bes ichwarzen und Afowichen Meeres feshaften weit verzweigten Bollsftammes, ben Stephan Batori ber polnifden Oberhoheit unterworfen und organifirt hatte (XI, 875) und ber von seinen Bohnfigen im Guben ber Bafferfalle bes Onebr ben Namen "Saporoger" führte, war ben Bolen ein Dorn im Auge. Das an Rrieg und Freibeuterei gewöhnte in freier Autonomie unter einem felbftgewählten Betman lebende Reitervolt, das durch die Rargheit bes Reichstags nur umgenugend in bem Dienft und Gold bes Ronige beschäftigt warb, ließ fich burch die fcupherrlichen Banbe, womit es an die polnische Krone geknüpft mar, nicht abhalten, aus feinen von Relfen, Bald und Gebuich burchzogenen, burch Berhade und Schangwerfe gebedten Bohnfigen balb babin balb borthin Streifzuge und Raubfahrten zu unternehmen, wodurch der Regierung in Barichau manche Berlegenheiten und Bibermartigfeiten bereitet wurden. Satte boch eine Schaar bermegener Gefellen, mit andern Stammesgenoffen verbunden ohne Gefchut bie Sandelsftadt Afow eingenommen und mehrere Sahre lang behauptet, jene Metropole (1837-42). des mercantilen Bertehrs amifchen Affien und Europa, die einft von ben Turten ben Benuesen entriffen worden, und die von der Beit an jum Erisapfel zwischen Rufland und ber Pforte ward. Und noch mehr verbroß es bie Gutsbefiger in ber Ufraine und im gangen füblichen Bolen, daß fo viele ihrer leibeigenen Bauern bem Druck ber Frohnbienfte und ber Geißel ber Borigfeit entfloben und bei ben Rosaken, Die ohnedies als Anhanger ber griechischen Rirche ben papistisch gefiunten Bolen und ihren jesuitischen Lehrmeistern fo fehr verhaßt und verabichent waren, eine Freiftatte fuchten, wo fie unter bem Schutze verbriefter Rechte in Sicherheit leben tonnten. Bie wenig Abel und Ronig fonft Liebe und Bertrauen zu einauber hatten, in ber Abneigung gegen alle Diffibenten und insbesondere gegen die schismatischen Rosalen waren beibe einig. Johann Casimir war mehr eine priesterliche als tonigliche Ratur: auf großen Reifen, Die er unter ber Regierung feines Bruders durch Deutschland, Holland, Frankreich und Italien unternommen, war er in Rom bem Sesuitenorden beigetreten und jum Cardinal erhoben worden, und wenn er auch fpater wieder in den weltlichen Stand gurudfehrte, und mit papftlicher Erlaubnis fich vermabite, fo bewahrte er boch die Grundfage und Tendengen ber Befellichaft Jefu und eine Reigung für ben geiftlichen Stand in feinem Bergen.

Regierung und Reichstag faßten baher ben Beschluß, die Freiheiten der Rosaten Anfang ber zu beschränken und der Kaatlichen Selbftandigkeit ein Ende zu machen. Eine feste Burg, triege. Audat am ersten Basserfall gegen Kiew zu, von einem französtschen Ingenteur erbaut und mit einer polnischen Befahung versehen, sollte das Reitervolf überwachen und im

Baum balten. Gin verungludter Berfuch, bas Bert ju gerftoren, bot die willtommene Gelegenheit, mit Strenge vorzugeben. Der Anführer wurde wider gegebenes Berfprechen bingerichtet und die Ausnahmsftellung burch Reichstagsbefdluß aufgehoben. Die freie Bahl ihres Hetman so wie alle Sonderrechte seien durch die Rebellion verwirkt worden. Fortan follte ber Kronfelbherr alle Oberften und Sauptleute b. b. alle Beborben in dem militarifc gegliederten , in Regimenter getheilten Semeinwefen der Rofaten ernennen und zwar aus bem Abel, tein Unterschied follte mehr besteben zwischen einem Rofalen und einem polnifden Bauer, ber bemotratifche Soldatenftaat mit bruderlicher Bleich. beit in ariftofratifder Beife umgeftaltet werden. Run wurde von den toniglichen Regierungsbeamten und von der tatholifden Brieftericaft um die Befte an der Unterbrudung und Betehrung ber Rosaten gearbeitet und babei teine Gewaltthat gefcheut. Richt mehr der Metropolite von Riem, fondern der Bapft in Rom follte als Oberhaupt der Rirche verehrt werden. Der Bogdan Chmelnidi, ein tapferer Rofalenführer von polnifder Abtunft wurde von einem Staroften feines Gutes beraubt und als er in Barfcau Rlage führte, überfiel der Beamte fein Saus, nahm ihm fein Beib und heirathete 1647. fie felbft , nachdem er fie zur tatholischen Rirche gebracht. Da rief Chmelnidi die Rofaten ju ben Baffen und eröffnete mit Gulfe ber Tataren, jenes mächtigen Bruchtheils ber einft fo gewaltigen "Golbenen Borbe", ber in ber Rrim im alten Taurien unter turtifder Bobeit ein friegerifdes Romadenleben führte, einen Rampf auf Leben und Tod gegen die Polen. Der Feldherr Potodi erlitt eine fomabliche Rieberlage um diefelbe Mai 1648. Zeit da Bladislam aus der Belt ging. Ihm ware es vielleicht möglich gewesen, den Abfall zu verhuten; benn er mar dem tapfern Rofalenführer bisher gewogen gewefen und batte die Barte und Ungerechtigkeit der polnischen Magnaten verdammt. In einem Rrieg wiber bie Turten, den er turg bor feinem Ende im Schilbe geführt, tonnte ihm das ftreitbare Bolt wefentliche Dienfte leiften. Aber unter bem neuen Ronig , der gang in der Gewalt des Adels ftand, war fur das tegerifche und rebellifche Bolt teine Mug. 1649. Onade ju hoffen. Und wenn auch durch ben Bborowichen Bertrag der Berfuch einer Ausgleichung gemacht ward, sollte der kluge Chmelnidi gegen die unfichere Busage einer Amnestie und die Ernennung jum Betman die Bortheile aus ber Sand geben , die ibm

das Baffenglud und das factiofe Treiben der Adelshäupter gerade jest eingebracht? Budem wollten die Rosalen nicht wieder zur Feldarbeit zurücklehren, nicht wieder der Gewalt der polnischen Magnaten und den Berführungskunften der Sesuiten ausgessetzt fein. So war der Bertrag von kurzer Dauer und die Zukunft auf die Spise des

Thefall ber Rrieg war blutig und wechselvoll; aber wohin sich anch der Sieg Bosen zu neigen mochte, die Ration und die Republik trug in allen Fällen Schaden und Schwäche davon. Und welche Gräuel mußte ein Rampf zu Tage bringen, der zugleich ein Bürger-, ein Racen- und ein Religionskrieg war, und in welchem wilde mohammedanische Tatarenhausen und entlausene polnische und lithauische Bauern unter der Fahne der Kosaken stritten? Der Hetman Chmelnick selbst gerieth in Sorge über die verwilderten Banden, die nur noch ihren rohen Trieben und Leidenschaften solgten. Ramentlich wünschte er die Tataren los zu werden. Dies konnte er aber nur bewerkstelligen, wenn er sich entweder mit Polen versschulen der eine andere Hülfe anrief. Der erstere Ausweg war für ihn so gut wie verschlossen. Denn in Polen nahm während dieses Krieges die Adelsoligarchie einen solchen Charakter an, daß nicht Berkassung und Geses, sondern Anarchie

im Lande zu herrichen ichien. In ben Landesversammlungen murbe nicht mehr mit Grunden für und wider verhandelt, fondern die Mehrheit pflegte die widers iprechende Mindergahl durch lautes Gefchrei, durch tumultuarische Drohungen. ja durch offene Gewalt zum Schweigen zu bringen. Zwietracht, Factionsgeist und Parteimuth traten fo fehr ohne alle Scheu berbor, daß einzelne Großen die Unternehmungen ber Rofaten forberten, und im Reichstag tam jum erstenmal 1852. das Beispiel vor, daß einer ber Landboten ober Deputirten mit seiner einzigen Gegenftimme ben Fortgang ber Berathungen verhinderte und bie von ber Berfarmmlung gefaßten Beschluffe für ungültig ertlärte, ein Kall, der aufange verwunfct und verabscheut bald ein anertanntes Recht ward. Nur mit Stimmenein beit follte ein gultiger Reichstagsbeschluß gefaßt werden konnen. Bir werden diefes abenteuerliche Recht des Liberum Beto, das als Gegengift die bewaffneten Confoderationen in feinem Schooße barg, in feinen, alles staatliche Leben zersetzenden Birkungen noch näher kennen lernen: für jetzt hatte das Umsichgreifen der Anarchie und der Abelsfactionen die Folge, daß der Hetman Chmelnicki den Gedanken an eine Berftandigung mit der Republik aufgab und fich nach anderweitiger Bulfe umfab. Und mas tonnte ihm ba vortheilhafter erscheinen als ein Anfchluß an bas Moscowiterreich, bas unter bem Saufe Romanow gerade fo der festen monarchischen Concentration entgegenging, wie die polnische Adelsrepublit ber Auflösung aller ftaat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Bande? Bar Alegei nahm mit Billigung einer Reichsberfammlung die Boten des Rafakenhauptmanns 1664. freundlich und entgegenkommend auf. Dem Abichluß eines Schuthundniffes. fraft deffen ber Ueberichuß ber Bevölkerung ber Globoden fich in ben unbewohnten aber fruchtbaren Landftrichen in der Gegend von Bielgorod niederlaffen durfte und den Grund ju den rafch emporblubenden Anfiedelungen von Achtirta, Sumi, Chartow u. a. legte; folgte ein Staatsvertrag mit gegenseitigen Rechts, Sept. 1863. verbindlichfeiten. Als Chmelnidi feinen verfammelten Starfdinen und Dberften die Bundesatte vorlegte und fie fragte, ob fie lieber einem tatholischen Ronig gehorchen und mit Mohammedanern in Freundschaft leben ober von einem rechtgläubigen mächtigen Monarchen geschütt werden wollten, entschieden sich alle für den Auschluß an das durch Religion und Sprache verwandte Brudervolt der Alle Rofaten fcmuren barauf bem großen Bar in Mostau, beffen Oberhoheit bereits ein anderer 3meig der Rasatenfamilie, ber am Don feghafte Starmm anerkannt hatte, ben Gib ber Treue und empfingen die Bestätigung aller Mars 1654. der Rechte, die fie fruber unter der Sobeit des Polentonigs genoffen hatten.

Run nahm der Rrieg weitere Dimenfionen an : Rofaten und Ruffen drangen ge- Bolen in nicinfam gen Beften bor, folugen den lithauifchen Groffeldherrn 30h. Radgivil in Die Erlegenoth. Flucht und eroberten in raschem Siegeslauf die Städte Smolenst, Witebst, Minst, Grodno u. a. D. Das gefchat um diefelbe Beit, als der Schwedenkonig den oben befcriebenen Feldzug von Beften her unternahm und bis Barfcau vorrudte (S. 603 ff). Ein polnifder Edelmann, ber Aron-Unterfangler Sieron. Radziejomefi, ber bom Ronig

tödtlich beleiblat, zuerft heimlich mit ben Rosaten conspirirt batte, bann mit racheglühender Seele an den Sof von Stockholm gefichen war, diente dem Schwedenkonig als Führer und feindlicher Aufstifter gegen bas eigene Baterland. Und nun brach die Rriegefurie von allen Seiten in bas polnifche Land ein: Ruffen und Rofaten, Schweden und Deutsche, der Siebenburger Ratoczy trachteten gleichzeitig die Republit zu berfclingen. Schon bamals tauchte ber Bebante einer Theilung Bolens auf. Aber Dant ber burch die Geiftlichkeit bewirkten Erhebung ber Bolen felbst und ber Gifersucht und Swietracht ber Feinde unter einander ging die Ration, wenn auch mit zerschlagenem Rörper doch lebendig aus dem Todestampf hervor. Der Bar, der fein Schwert gegen Die fowedischen Oftseeprovingen tehren wollte, folog mit Bolen auf Grund bes Be-

Dit. 1656, ftehenden in Bilna einen Baffenftillftand. Aus einem Gegner murbe nunmehr Alexei ein Belfer, da er ben gemeinschaftlichen Feind Rarl X. betampfte. Bu biefem freunds fcaftlicen Berhaltnis trug nicht wenig ber Umftand bei, bag bie polnifcen Ragnaten dem Baren mit der Ausficht fcmeichelten, nach dem Tode Johann Cafimirs wurde er zum Rachfolger gewählt werden. Denn ber lette finderlofe Bafa war ein fowaches Reis auf bem rauben Bolenstamm. Als ber Schwedenkonig wider Danemart jeg, wurde ber Rricg gegen Bolen und Rugland mit geringerem Gifer fortgefest , ohne daß jedoch die Baffen ganglich geruht hatten; aber ber Lod bes unternehmenden eroberungeluftigen Fürften bor Ropenhagen führte zu einer Reihe bon Friedensichluffen , beren Ergebniffe und bereits bekannt find. Durch den Wehlauer Bertrag entfagte ber Ronig Johann Cafimir der Lehnsherrlichkeit über das herzogthum Preußen und brei Inhre fpater im Frieden von Oliva feinen Anspruchen auf Efthland und Livland, die nun wieder an die Krone Schweden fielen, eine Bestimmung, in welche auch der Mostowiten-Bar in dem "ewigen Frieden" von Rardis (einem Gut zwischen Dorpat und Reval) einging.

Deuer Ros Als diefer Friede mit Schweden jum Abichluß tam, war ber Rrieg zwifchen Bolen fatenfrieg und Außland wieder in vollem Sang. In Barfcau ertannte man, welche Schwächung Barteis die Republit durch den Berluft der Utrainischen Kosaten erlitten. Rach war die ruffische Macht nicht fo furchtbar, daß man in Bolen fich vor einer Erneuerung des Kriegs gefcut hatte. Es wurden Berfuche gemacht, die Rosaken wieder zu gewinnen. Ein Abfall und Revolutionsatt hinterlagt nach ber Durchführung leicht eine Disftimmung, bie burch perfonliche Motive und Aufreigungen gesteigert und ju Barteigweden benutt werden tann. Ramentlich werden robe Raturvoller, bei benen Bernunft und polis tische Berechnung hinter den Leidenschaften gurudfichen, rafc durch momentane Im-

Nug. 1657. der Belt ging, hatte vor seinem Tode bewirkt, daß die Bollsgemeinde seinen sechzehn: jährigen Sohn Georg jum Rachfolger mablte; aber beffen Bormund, der ehrgeizige 30hann Bigowsti ftrebte felbst nach biefer Burbe, die er am ersten mit Gulfe bes Bolentonigs erlangen ju tonnen hoffte. In Barfchau tam man feinen Untragen gem entgegen, man war bereit, die Rudtehr bes verlornen Sohnes mit einem Berfohnungsund Freudenfest zu feiern : in dem mit Bigoweti und feinen Parteigangern abgeschlosse

pulse bahin ober borthin gelenkt. Bogan Chmelnidi, ber mahrend bes Rrieges aus

1658. nen Bertrag bon Sadiatich murbe ausgemacht, daß die Rofaten gegen Buficherung rdis giöfer Freiheit und politifcher Autonomie wieder unter Die Lehnsherrlichteit Bolens que rudfehren follten; dafür follte Bigoweti als Betman anertannt werden und bie Befugniß erhalten aus der Mitte des Boltes einen Ritterstand zu bilden, dem Die Rechte des polnischen Abels zutommen wurden. Aber gerade diese lettere Bestimmung, die Biederholung des fruheren Berfuchs, in die demotratische Gemeinschaft einen Reil ju treiben, machte ben Bertrag unausführbar und erzeugte neue Spaltungen. Sollten die Rofaken, benen die Bleichheit tief im Blut lag, jugeben, daß das bobe Borrecht ihra

Beburt und ihres Stammes durchbrochen und abgefdmacht, daß Einzelne aus ihret

Mitte burch besondere Chren ausgezeichnet und zu Bauptern über die andern gesett wurden? In Aurzem icaarte fic eine nicht minder große Bartet um ben jungen Georg Chmelnidi und forderte, daß der Eid der Treue, den man vor feche Jahren dem Baren geschworen, gehalten werbe. Dies war ber Anfang eines neuen Rrieges zwifden Polen und Rufland, in welchem die Rofaten in zwei Beerlager gefpalten auf beiben Seiten ftritten. Der Rampf gestaltete fich um fo heftiger als noch perfonliche Motive mitwirtten : Der Konig und die Konigin namlich begten ben eifrigen Bunfc, daß ber Bergog bon Enghien, der einzige Sohn des Pringen Conde dermaleinft den Thron in Barfchau einnehmen möchte, mabrend Alegei, geftütt auf die Bufage der Großen die Rronc babonjutragen munichte. Bie hatte ber Bar glauben konnen, daß der turbulente Adel oder die fanatische Geiftlichkeit jemals einen nicht unirten Fürsten auf ihrem heiligen Throne dulden wurden! Der mehrjährige Rrieg awifchen ben beiben rivaliftrenben Rachbarvölkern war ohne entscheibende Bechselfalle; benn da teine auswärtigen Staaten ober Bölkerschaften Ach einmischten, so hielten fich die Gegner das Gleichgewicht. Leicht batte Polen, da es noch immer an Größe und Baffenübung den Mostowitern überlegen war, die Ueberhand erlangen konnen; allein die Republit war wieder durch Swietracht und Barteiung zerriffen. Ram es doch fo weit, daß der Krongroßmarschall Georg Lubomireli, welcher den Ronig und die Hofpartei verhindern wollte, noch bei Lebzeiten 3oh. Cafimirs einen Rachfolger wählen zu laffen, zulest, als man ihn ber Rajeftatsverlepung anklagte und ihn an Gut und Leben bestrafen wollte, die Fahne der Empörung entfaltete und dem eigenen König zwei Ereffen lieferte. Man verglich fich endlich dabin, 1666. 1666. daß die Bahlfache unberührt bleiben follte; und da ein Rrieg mit der Pforte drohte, fo hielt man es für gerathen, auch mit ben Ruffen eine Uebereintunft zu treffen. Rach langern Unterhandlungen murbe bann in dem Dorfe Undruffom zwifchen Smolenet und Mitslawl ein Frieden gefcoffen, vorläufig auf dreizehn Sahre fechs Monate, in 20. 3an. Bolge deffen der Bar Smolenst, Severien und Tichernigow fo wie die Oberherrichaft über die Ukrainifchen Lofaken jenfeit des Duepr erhielt, auch nach auf zwei Jahre im Befit von Riem blieb. Die Bojewodschaften Pologt, Bitebet und polnifc Lipland wurden der Republit jurudgegeben.

Die inneren Bewegungen, bon benen bald nachher fowohl die Republit Polen Aufftanb ber als das Barenreich heimgefucht wurden, hatten zur Folge, daß der Frieden von And-Rolaten ruffom forgfaltiger beobachtet ward , als bie fruheren Abtommen. Bahrend namlich fent Rufbie Saporoger Rofaten fich allmählich in die gegebenen Berhältniffe fügten, entftand 1667-71. unter dem verwandten Bweige, der am Don fein umberfcweifendes oder feshaftes Dafein verbrachte, ein furchtbarer Aufruhr gegen die Ruffen, denen jenes Reitervolt bisher fo wefentliche Dienste geleiftet, fo viel jur Erweiterung und Befestigung ihrer Berricaft beigetragen batte. Bie der polnische Reichstag so wollte auch die russische Regierung die Autonomie und die Borrechte der Donbewohner abschaffen und fie unter die Ordnungen und Gefete des Gesammtreiches beugen. Sie sollten bas freie Bablrecht ihrer Oberen und Atame und ihre bertommlichen Boltsgerichte nach eigenen ererbten Rechtsgewohnheiten aufgeben und unter der Obmacht des Bojewoden von Tichertast fteben. Als Jurii Alex. Dolgoruti biefes Uniformitatsfiftem mit großer Strenge durchzuführen fuchte, erhob Stenta Rafin, deffen Bruder wegen Biederspenftigkeit mit dem Strange hingerichtet worden, die gahne der Emporung und trug, bon andern hauptlingen unterftust Tod und Berberben in bie Bolgagegenden bis an das taspische Meer. Ueber drei Jahre durchsturmten die Rosakenhaufen, von Tag zu Tag sich mehrend die östlichen Landschaften des Reichs, füllten die Städte Sfaratow, Sfamara, Atamas mit Blut und Entfepen und verbreiteten Schreden bis in die Sauptftadt. In brei Monaten wurden eiftausend Menfchen burch

#### 668 E. Die letten Jahrzehnte des 17. Jahrhunderts.

Scharfrichters Sand am Leben gestraft. Erft als der verwegene Anführer nach einer 2. Juni 1671. ungludlichen Schlacht in die Gewalt der Ruffen gefallen und in Mostau nach den entseblichften Torturen und Beinigungen, wobei er teinen Schmerzenslaut boren ließ, gebiertheilt worden war, erloschen allmählich die Flammen des Bürgerfriegs.

## 2. Johann Sobiesky und August II. von Sachsen.

Cafimir's Bährend des großen Krieges war die Königin, eine Tochter Frankreichs fagung. aus der Belt gegangen, wie man fagte aus Berdruß, daß ihre Plane hinfichtlich ber Thronfolge gescheitert waren. Run reifte auch bei Johann Cafimir ber Entfcluß, fich von dem politischen Leben gurudzugiehen und die letten Jahre den Als er einft auf ber erwähnten großen Reise religiofen Dingen zu weihen. mahrend des spanisch-frangofischen Rrieges auf einer genuefischen Saleere, Die ibn nach Spanien bringen follte, an ber Rufte ber Brobence landete, wurde er auf Richelieu's Befehl aus Staatsgrunden gurudgehalten und zwei Jahre lang unter Aufficht gestellt. Der Aufenthalt mar ein unfreiwilliger gewesen; bennoch scheint Johann Cafimir an dem Land, wo die Adelsmacht niedergeworfen und die tonigliche Majeftat auf fo glanzende Sobe geftellt mar, großes Boblgefallen gefunden zu haben, bort wollte er fein Leben befdließen. Rachdem er fich eine an-1669. sehnliche Leibrente ausbedungen, nahm er auf dem Reichstag Abschied von der

polnischen Ration und begab fich nach Frankreich, um in ber alten Bischofftabi Revers, im reizenden Gebiete der obern Loire seinen Bohnfit aufzuschlagen. Es war ein wichtiger Moment in der Geschichte der Republit Polen, als der lette Bafa, in bem noch ein Tropfen bom Blute der Jagellonen floß, bem Lande feiner Uhnen ben Ruden zuwandte. Fortan war die Ronigswahl an teine bonaftische Traditionen, an teine Rudfichten ber Bietat weiter gebunden. Die Freibeit des Adels mar unbegrenat, ein verhängnisvolles Gut für die Machthaber.

+ 16. Decbr. Johann Casimir überlebte seine Thronentsagung noch brei Jahre, ferne von bem Schauplay milder Parteifampfe und Bablfturme, Die feiner Abbantung auf bem Fuße folgten.

Stürmifche

Eine Rrone übt auf den fürstlichen Chraeix eine fo machtige Anziehungs. wegungen fraft, daß es nie an Bewerbern fehlen wird, welche alle Mittel und Sebel einfegen, um den lockenden Preis zu erlangen. Gefellen fich dann zu ben perfonlichen Motiven noch außere dynastische Interessen und Ginfluffe, fo gestaltet fic häufig die Bahlagitation zu einem Bahlfrieg. Diefer Fall trat nach Johann Cafimire Entfernung fcnell genug in Polen ein: Der mablberechtigte Abel spaltete fich in zwei Parteien, in eine frangofisch-lothringische und in eine deutsch-Neuburgische, die einander bis aufs Blut befampften, fo daß der Reichstag, erfcredt über bas wilbe Treiben ein Gefet erließ, daß in Butunft tein Ronig mehr abbanten burfe, ein trauriges Beugniß, wie wenig neibenswerth selbst ben Dagnaten die hochste Chrenftelle in der Republit Polen buntte. Rach einem fiebenmonatlichen Interregnum voll leidenschaftlicher Rampfe und Umtriebe. Rante und

Intriguen bereinigten fich endlich die Factionen anf einen einheimischen Ebelmann mittleren Ranges, Michael Bieniowiecti, weniger aus Grunden feiner Bedeutung oder Burdigfeit, als weil der tapfere lithauische Rriegsmann ohne großes Bermögen und machtigen Familienanhang Niemanden Beforgniß einflößte, bem Einfluß und ben Borrechten ber Großen feine Gefahr zu bereiten fchien. So wenig trug der Mann Berlangen nach der Auszeichnung, daß er mit Ehranen Dieniobat, ihm nicht eine Last aufzulegen, die über seine Kräfte ginge. Und nur zu wieest. balb zeigte es fich, wie richtig er seine Lage beurtheilt hatte. Die Saupter bes Senats und des Alerus, vor Allen der Primas Ricol. Prazmowski und der Aronfeldherr Johann Sobiesth, voll Reid und Erbitterung daß der geringere Abel in einer patriotischen Aufwallung bei der Bahl den Ausschlag gegeben, machten dem neuen König das Amt sehr schwer; schon der erste Reichstag wurde gesprengt und alle vaterländisch gesinnten Männer erkannten mit Schrecken und Besorgniß, wie reißend bas Gemeinwefen dem Berfall und Berberben zueile, wie wenig der Mann, bem man bas Steuer in die Sand gezwungen, ber fcwierigen Aufgabe gewachsen fei.

Außer den inneren Parteibewegungen fouf befonders bas unruhige Treiben der Kofafene und Turtentrieg. Rofaten ein Meer von Berwirrung und Berlegenheiten. Der friegerifche Boltsftamm, ungufrieden, daß er in zwei Galften gerriffen worden, wobon die eine unter ruffifcher, die andere unter polnischer Herrschaft stehen sollte, trachtete nach Wiedervereinigung, fei es durch Rudtehr unter die Sobeit der Republit, oder durch Anfchluß an den Bar bon Mostau. Daß bei diefem Streben nach Beranderung fich wieder berfchiedene Barteien und Factionen unter herrschsüchtigen Führern bildeten, die geleitet von persönlichen Intereffen oder von vorwiegenden Sympathien theils nach Barfcau theils nach Mostau den Blid richteten, lag in der Ratur der Dinge und der Menschen. Es wat noch nicht bergeffen, wie viel Schlimmes fruber die polnifche Berricaft gebracht; aber auch das Jod der ruffifchen Anasen war nicht leicht. Unter den inneren Unruhen der beiden Bollstheile biesfeit und jenfeit des Onepr, und unter den Parteilampfen des einen Betman gegen ben andern, traten auch conspiratorische Umtriebe mit den Sataren der Krim, den alten Baffenbrudern und durch diefe mit der Pforte ins Dafein, Umtriebe bie sowohl den Ruffen als den Bolen verderblich murden. Es ift uns bekannt, bag gerade damals die Ofmanen unter dem energischen Regimente der beiden Röprili einen friegerischen Aufschwung nahmen: fie entriffen ben Benetianern nach einem Riefentampfe die Insel Candia und suchten Siebenburgen und Ungarn unter die Lehnshoheit der Pforte ju zwingen, wobei ihnen eingeborne Magnaten Gulfe leifteten. Aehnliche Berhaltniffe boten fich ihnen nun auch in der Ufraine dar: der ehrsuchtige und rantevolle Setman Dorofchento mar bereit, den Beiftand der Türken zur Erwerbung der Buhrerschaft über alle Rofaten mit der Anertennung der Oberhoheit der Pforte zu er-Die tede Sprache des polnifchen Gefandten in Ronftantinopel mehrte die Kriegsluft des Sultans Mohammed IV. Bald ftand ein zahlreiches Türkenheer bor den Mauern bon Raminieg am Oniefter. Die fowach vertheidigte Stadt mußte fich er- Aug. 1672. geben; der Kronfeldherr Sobiesth mar nicht ftart genug, den übermächtigen Feind zurudzudrangen; gang Podolien fiel in turtifche Bande; Lemberg mußte durch eine bobe Brandichatung ben Abgug ber Saniticharen ertaufen. Der fcmache Ronig Dichael erforat und folos eilende den fomachvollen Brieden von Budgiat, traft deffen Bodo- 18. Cept.

# 670 E. Die letten Sahrzehnte bes 17. Jahrhunderts.

lien den Osmanen und die Utraine dem Kosakenhetman unter der Goheit der Pforte verbleiben und die Republik ein beträchtliches Jahrgeld als Tribut entrichten sollte. In Kaminiez rückte ein türkisches Besahungsheer ein und bei Choczim am rechten Ufer des Oniester bezogen 80000 Osmanen ein befestigtes Lager.

Johann Bie schimpflich immer dieser Friedensvertrag mar, der Reichstag in Bar-Sobiesty. 2012 juginipfing innent von Berweigerung der Bestätigung den schrecklichen Reind zu reigen : nur die bringenden Borftellungen Gobiesty's, ber mit Bebr. 1673. Thranen im Auge die Berfammlung beschwor, die Uebereinkunft guruckzuweisen und augleich Borichlage über die Beiterführung des Rrieges machte, wedten Muth und Gelbstbertrauen. Der Friedensbertrag murde verworfen und ber Rronfeldherr ermächtigt, ben Baffengang zu erneuern. Der Beinmutbige Ronig gerieth barüber in folche Aufregung, daß er auf ben Tod ertrantte und einige 10. Nov. Monate nachher in einem Alter von fünfunddreißig Jahren in Lemberg ftarb. Sobiesth rettete die Ehre und den friegerischen Rubm der Ration. Um dieselbe Beit, da ber ungludliche Ronig aus der Belt ging, machte er einen Angriff auf das weitgedehnte Lager bei Choczim und fügte dem feindlichen Beere eine bollständige Rieberlage zu. Der Rampfplat mar mit Taufenden bon Leichen und 8000 Janitscharen nebft anderem Rriegsvolt fanden Bermundeten überdedt. auf dem fluchtabnlichen Rudzug nach Raminiez burch ben Ginfturg ber überfüllten Oniesterbrude ihren Tod in den eisigen Bellen des Stromes. Die große grune Sauptfahne, die der Kronfeldherr mit eigener Sand erbeutet, fandte er ale Siegestrophae bem beiligen Bater in Rom, ber fie in St. Beter aufbangen lief. Unter Diefen Ginbruden fand Die Ronigswahl fatt. Sechs fürftliche Bewerber waren aufgetreten, zum Theil mit den glanzenoften Berfprechungen. Aber trob aller Intriguen und Parteiumtriebe wurde boch ber Sieger von Choczin mit 19. Mai patriotischer Begeisterung jum Konig ausgerufen. Die friegerische Tugend bee tapfern Edelmanns, die eine ruhmbolle Butunft verfprach, und die Thatiateit ber frangofisch gefinnten Bartei, die an dem Gefandten Ludwigs XIV. einen einflugreichen Begunftiger batte, wirkten aufammen, um die Rante egoiftischer Factionen zu gerreißen und dem Berdienste ben Chrenlohn zu verleihen. Aber auch nach feiner Babl, noch ebe die Rronung erfolgen tonnte, mußte ber neue Konig bie Grenglande gegen ben übermächtigen Feind vertheibigen. rudten die Demanifchen Beere bon Raminieg aus in bas polnifche Bebiet, füllten Bodolien, die Ufraine, Salizien mit graufenhafter Bermuftung und bedrohten Lemberg. Da jog Sobiesth abermals mit Beeresmacht gegen die Turkenhaufer ins Feld und erfocht, trot feiner weit geringeren Streitfrafte, unter ben Dauern Mug. 1675, bon Bem berg einen zweiten glanzenden Sieg. Aber auch biefe Rieberlage mar nicht vermögend die Pforte zum Aufgeben bes Friedens von Budgiat zu bewegen : noch über ein Sahr hatte der Rrieg feinen ununterbrochenen Fortgang; und ole die fleine und an Allem Mangel leidende Armee Sobiesty's bei dem Orte 3" ramna in der Rabe bes Dniefter von einem überlegenen Turfenbeer in Blotade

gehalten wurde, hatte ce den Anschein, als ob die Anstrengungen Polens ohne Früchte bleiben follten. Allein Dank der unverzagten Haltung des Königs und der Beforgniß der Pforte bor einem mit Rugland brobenden Rrieg, welcher die türkischen Baffenerfolge in Ungarn beeinträchtigen könnte, gewannen in Ronftantinopel die Friedensgedanken das Uebergewicht. Dan beschloß um ben Preis einer Ermäßigung der früheren Bertragsbedingungen den Rrieg wiber Bolen ju Ende zu bringen. Rach bem verläufigen Abkommen bon Burawna wurde Dit. 1676. in Konstantinopel eine neue Friedensurkunde bereinbart. Darin verzichtete der Marg 1678. Sultan auf den Tribut und begnügte fich mit einer Grenze, welche den größten Theil bon Bodolien mit Ginschluß ber Festung Raminiez der Turfei guwies, das gegen zwei Drittel der Utraine sammt der Oberhoheit über die dort seshaften Rosaken im Befit der Republit ließ.

Drei Jahre fpater wurde auch zwischen Rufland und ber Pforte ber Friede bon Radgin auf zwanzig Jahre gefchloffen, welcher dem wechfelvollen Rrieg, den beide 3an. 1681. Boller um Efchigirin und am Onepr geführt, ein Ende machte. Georg Chmelnicht, den der Gultan als hetman der Rofaten anertannt hatte, fand in diefem Rrieg feinen Tod. Die Turten mußten alle Unspruche auf die Ufraine aufgeben und Riem blieb im Befig der Ruffen.

Als die Türkennoth vorüber war, kehrten die Leidenschaften der Factionen und Cobiesto's die burgerlichen Unruhen in Bolen gurud. Erot feiner großen Berdienfte im Feld gierung und Ausgang. hatte Sobiesty viele Gegner. Man warf ihm bor, daß er fich bon seiner Bemablin, der Tochter eines frangöfischen Marquis allzu febr beeinfluffen und fich für die politischen Brede Ludwigs XIV. gebrauchen laffe; daß er feine Stellung jur Erwerbung bon Reichthumern für feine Familie ausbeute und die Rrone bei feinem Saufe zu erhalten trachte: daß er feine Freunde und Anbanger bei Bergebung von Burben und Shren mit Parteilichkeit beborzuge. In Lithauen hatte die stolze Familie Bac, die ihren Ursprung von den Florentinischen Bazzi ableitete, feine Babl befampft, und ihre feindselige Gefinnung auch nachher nicht abgelegt : um ein Gegengewicht ju bilben, begunftigte Sobiesth bas reiche Beschlecht der Sapieha, denen man tatarische Abstammung beilegte. Graf Rafimir Savieba der machtigfte Berr des Grokfürstenthums und nabrte den ebraeizigen Gedanken in fich, bermaleinft die Rrone Bolens zu erwerben ober falls diefe Goffnung fehlschluge, das lithauische Land von der Republik loszureißen und wie ehebem zur Beit Jagello's zu einem felbständigen Fürftenthum zu Er bertraute auf ben Beiftand Desterreichs, deffen Intereffen er ftets eifrig verfocht. - Es gefcah im Biberfpruch mit ber hofpolitit, als Johann Sobiesty jenen berühmten Feldaug jum Entfat von Bien unternahm, ber fein Saupt mit unverwelflichen Lorbeeren umflechten follte. In feiner Seele regte fich noch einmal ber triegerische Aufschwung, bem er die Krone verbantte. Im Bunde mit Raifer und Reich und unterftutt von Rusland hoffte er die Türken auf immer bon ber polnischen Erbe zu verjagen und die verlornen Gebietstheile

wieder mit dem Mutterlande zu vereinigen. Die hoffnung sollte nicht in Erfüllung geben; wir wiffen, wie wenig Dant bas Saus Defterreich bem Retter Biens zollte. Dem polnischen Reich trug ber glorreiche Reldzug feines Konige feine Früchte; vielmehr wurden feitbem die Turten folimmere Rachbarn als ju-Der heilige Bund, durch den fich die driftlichen Rationen, die Benetianer Polen, Ruffen,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n Boller zum Riesentampf gegen die Mohammedaner vereinigten, tam nur dem Saufe Sabsburg gu gute. Bie tapfer und mannhaft Konig Johann Jahr aus Jahr ein ins Feld zog, er war nicht im Stande, ben Ungläubigen Raminiez und Podolien zu ente reißen oder das Fürstenthum Moldau für die Republik zu erobern. Die abnehmende Rriegeluft ber Polen, ber Mangel an Geld, Mannichaft und genugendem Geschütz und die heimlichen Runfte der Reider und Gegner unter den Magnaten lähmten die Kraft des Königs und verhinderten Erfolge, die mit seinen ersten Rriegsthaten in Bergleich geftanben hatten. Er lag icon über zwei Sahre im Brabe, als ber Carlowiczer Friede, beffen wir früher Erwähnung gethan, bie Pforte verpflichtete, Raminiez abzutreten und allen Ansprüchen auf Podolien und Die Ufraine zu entsagen. Und wie viel Berdruß bereiteten dem Ronig Die Ranft seiner launenhaften, leidenschaftlichen Gemahlin, die sogar selbst die Bahl ihrei Sohnes Jacob zu hintertreiben suchte! Und wie viel Bitteres bekam er von der Magnaten und hohen Burbentragern zu hören! Rief doch auf einem Reichstag 1689. 311 Grodno Rafimir Opalineti, Bischof von Rulin ihm 311: "Sire, entweder regiere gerecht ober horet auf zu regieren"! In Lithauen ftand ber Oberbefehlshabe Rafimir Sapieha, der bald nach dem Wiener Feldzug mit dem König zerfaller war, in offener Empörung gegen Sobiesth, als dieser sich in einem Streite bet Grafen wider den Bischof von Bilna auf die Seite des letteren ftellte. Als der Rriegsbeld, der nicht nur wegen seiner Feldherrngaben, sondern auch wegen seina allgemeinen Bilbung, seines ritterlichen Befens und feiner Belt- und Menschen kenntniß, die er durch große in der Jugend unternommene Reisen sich erworbe

stalt auf bem polnischen Thron war, kummerboll und mit getäuschten Hoffnunger † 17. Juni ins Grab stieg, konnte man an den leidenschaftlichen Parteibewegungen de Großen die Sturme boraussehen, die über feiner Leiche fich erheben murden.

Der sadfliche Es dauerte ein volles Jagr, ege vie neut econgologie in Berngonichen ber Pring von Contifür welchen der frangofische Sof durch seinen Gefandten den Abbe Polignac wirkt und August II., Rurfürst von Sachsen, ben Raifer Leopold und fein Sotz Joseph begunftigten. Der gange Abel war in zwei Factionen gespalten und iche bei diefer Belegenheit bewährte fich die Hohnrede der Bolter, daß berjenige unta ben Throncandidaten ben Preis erringen werde, der ben letten Thaler in ba Bie einst im römischen Reiche die Imperatorenwurde von da Bratorianern burch Donative ertauft wurde, fo die polnische Rrone burch hoben

und durch fein wechselvolles Leben vermehrt hatte, die lette würdige Ronigege

oder geringere Geldspenden an die mahlberechtigten Edlen. Der Rurfürst von Sachsen, ber burch seinen Uebertritt zur tatholischen Rirche bas hinderniß ber Religion beseitigte und fich die Unterftugung Defterreichs und ber Jesuiten erwarb, hatte ben Bortheil, daß er naber bei ber Sand war, daß fein Bevollmach. tigter, der nachmalige Feldmarschall Flemming, ein gewandter, schlauer, in den Mitteln nicht mablerischer Kriegsmann und Diplomat reichlicher mit Gold verieben war als Bolignac und an feinem Schwager bem Caftellan von Culm einen thätigen Unterhandler hatte. Auch begunftigte ber junge Bar Beter ben beutschen Bewerber. Batte ber frangofisch gefinnte Cardinal Primas bie Bablhandlung n dem Momente vorgenommen, als viele Abelige durch frangofische Bestechungen jewonnen waren, fo batte ber Bring bon Conti mabricheinlich die Stimmennebrheit erhalten, benn die Sympathien für Frankreich waren weit verbreitet im Beichsellande; da fich aber die Entscheidung hinauszog und dem französischen Beverber das Geld ausging, fo erhielt die fachfische Bartei mehr und mehr Obervaffer, denn der Aurfürst hatte durch Beräußerung und Berpfandung vieler Staminguter und Anrechte, burch Aufgeben der fachfischen Erbanspruche auf bas Berzogthum Lauenburg gegen eine Entschädigung von 1,100000 Gulden, burch Sinführung indirekter Steuern und Abgaben, burch Anleben zu hoben Binfen und indere Mittel folche Summen aufgebracht, bag er für feine Bahl gehn Millionen wlnische Gulben auswenden konnte. Und auch mit andern glanzenden Busagen ind Berheißungen mar Flemming nicht sparfam. Das Feld mar für ben Rurürften bereits gewonnen, als der Pring mit einer fleinen frangofischen Flotille an er Rhede von Danzig landete. Seine Erscheinung hatte seinen Parteigangern neue Soffnung einflößen konnen, mare er nicht ein Mann ohne Muth und Berftand ewesen und nicht mit leeren Banben angefommen. Go gewann benn die fachische Bewerbung das Uebergewicht. "Auch ber Cardinal Primas würde nicht o lange gezaudert haben fich zu unterwerfen, wenn er bei Schätzung der Rleinovien, die er fich statt der Baarschaft bedungen, mit seinen Raufern hatte einig verden konnen". Aber auch nachdem die Bahl auf dem Felde von Bola sich zu Bunften des Rurfürsten entschieden hatte, mußte Conti und feine Partei mit (17) 27.3uni Bewalt zur Riederlegung ber Baffen gezwungen werden, zu welchem 3wed 0,000 Sachsen in bas Ronigreich einrudten. Daburch fab fich ber frangofische Bewerber genothigt, Dangig ju verlaffen und in die Beimath gurudgutebren.

Um 15. September murde August II. in Rratau jum Ronig von Polen Ronig Muefront, nachdem er die Pacta conventa beschworen und dabei noch die weitere 1697—1733. Bedingung angenommen hatte, "bag er weder für fich felbst noch durch Andere buter für fein Baus erwerben tonne". Rach dem Carlowiezer Frieden (S. 461) jurde durch einen "Pacifications-Reichstag" feftgefest, daß der Ronig außer einer eibmache von 1200 Mann teine fremden Truppen im Reiche halten durfe; im jalle einer Uebertretung folle bem polnischen Abel bas Recht zustehen, mit ben Baffen ihre Entfernung zu erzwingen. So wurde Sachsen durch sein Berr-

# 674 E. Die letten Jahrzehnte bes 17. Jahrhunderts.

scherhaus an die turbulente Abelsrepublit Polen gefnüpft, eine Berbindung, die für beide Staaten unbeilvoll und verberblich war. Das fachfiche Bolt feufate fcwer unter ber Laft, die durch den Chrgeiz und die felbstfüchtige Bolitit feines Aurfürsten auf seinen Raden gelegt wurde; und das polnische Staatswesen schritt unter den beiden deutschen Königen August II. und August III. immer weiter auf ber abichuffigen Babn, die bem Abgrund guführte. Parteileibenschaften, Confoderationen, fürmische Berathungen, die ben polnischen Reichstag sprichwörtlich gemacht haben, bilbeten bas politische Leben; die Fortschritte ber europaischen Cultur blieben der Nation fremd. Sie verharrte in dem mittelalterlichen Buftande mit ftrenger Scheidung ber Stande, mabrend bas übrige Europa einer Auflösung ber Standesbegrenzungen und einer Berschmelzung ber verschiedenen Der hobe Rlerus theilte die Borrechte des Abels, der Boltetlaffen zustrebte. niedere die Unwiffenbeit und den Aberglauben der Leibeigenen, die zahlreiche und ichmutige Judenschaft mar im Befit bes Rleinhandels und der wenigen Gewerbe. Reun Behntel der Einwohner maren borige Bauern, die ohne irgend einen Rechts. fout ber Billfur ihrer Berren preisgegeben maren. Die Frohnden wuchsen bis au der Gobe von vier Tagen in der Boche, die Brutalität des perfonlichen Berhaltniffes übersprang alle Schranten.

### 8. Kurfachfen seit de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Johann Rurfürft Johann Georg I. überlebte den breißigjahrigen Rrieg , beffen Bechfel-Georg 1. 1811—1856, falle und Schreckniffe außer der Rheinpfalz tein anderes Land in fo erfchutternder Beife erfahren als das an Schlachtfeldern fo reiche Sachfen, noch acht Jahre. Als endlich Die Borte erfüllt wurden, "fiehe auf den Bergen tommen guße eines guten Boten, der da Frieden predigt," fing bas Bolt wieder an aufauleben. Aber erft awei Jahre fpater, 22. Juli nachdem endlich die lette schwedische Besatung aus Leipzig abgezogen war, tonnte bas Friedensfest gefeiert werden, bon gar Bielen mit Thranen auf den Trummern ihrer Sabe. Bald fab man flüchtige Protestanten aus Bohmen einwandern, die bor dem Religionsbrud in ihrer Beimath eine neue Buffuchtsftatte fuchten. Sie grundeten im 1654. wildeften Theile des Erzgebirges auf dem "gaftenberge im hungerlande" Johann. Georgenftadt: Und als ob der gutige Gott den Leidenden eine Sulfe fenden wollte in ber Roth und bitteren Armuth ber Beit, tamen bamals die erften Rartoffeln in die fächfischen Lande. Gin großer Theil des Unglude rührte bon der unverftandigen Botitit des Kurfürsten her. Sein Bahlspruch: "Ich fürchte Gott, liebe Gerechtigkeit und ehre meinen Raiser" mochte ernftlich gemeint sein, aber zur richtigen Anwendung fehlte ihm die Ginficht. Bir wiffen , welche unselige Folgen für Sachsen und für die proteftantische Sache ber einseitige Frieden von Brag gebracht bat (XI, 975 ff.); bes Rurfürften engherziger Confeffioneglauben, durch den er fogar verleitet murbe, fic der Aufnahme der Cawinisten in den Reichsfrieden zu widerfeten, bewies, daß seine Gottesfurcht und seine Gerechtigkeit sehr turz bemeffen waren; und daß er im Biderspruch mit der Albertinischen Succeffionbordnung burch fein Teftament feinen drei jungeren Gobnen Muguft, Chriftian und Morig besondere Landestheile gumies und fo die turfurftliche Brimogenitur durch die Seitenlinien Beißenfels, Merfeburg und Beis fowachte. zeugte von geringer politischer Ginficht und von wenig Sinn für die Macht der Dynastie

und die Boblfahrt des Landes. Denn nicht genug, baf in einem Beitpuntt, da Brandenburg unter feinem großen Rurfürften fo machtig emporftieg, Rurfachfen durch die Theilung auch an Landbefit von der erften Stufe berabgedrangt ward ; fo war die Unordnung auch für den Rachfolger auf dem furfürftlichen Throne, Johann Georg II. eine Quelle von Streitigkeiten und widermartigen 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feinen Brudern , Die felbft durch den "freundbrüderlichen Sauptvergleich" in Dresden nicht ganglich befeitigt murden. 22. Apr.

Bum Glud war die Trennung vom Sauptlande nicht von Dauer. Rach einigen Generationen erfofchen die brei Seitenlinien (Beit 1718; Merfeburg 1738; Beifenfels 1746) worauf ihre Befigungen wieber an bas Rurhaus zurudfielen. Für die Beltgefcichte war ihre Erifteng von teiner Bedeutung, wenn man nicht als eine folche gelten laffen will, daß Chriftian August von Beit durch feinen Uebertritt gur tatholifden Rirche ber Moberichtung ber Beit bulbigte, und auch feinen Bruber Morig Bilbelm gu bemfelben Schritt verleitete; boch trat letterer furz vor feinem Lobe wieber ju ber Religion feines Saufes gurud. Auch von ber Beigenfelfer Linie folgte ber jungfte Sohn Augusts bem Buge ber Beit.

Much die Regierung des zweiten Johann Georg brachte bem Lande wenig Johann Blud, dem Rurhause wenig Ruhm. Die alte hinneigung gu Defterreich Sabsburg be- 1856. herrichte wohl in den meiften gallen die fachfiche Bolitit; an der europaischen Affociation gegen Frankreich nahm auch Sachsen Theil (S. 429); bennoch mar weber ber turfürffliche Sof in Dresten, wo man an Prachtentfaltung Berfailles nachzuahmen fuchte, noch waren die geheimen Rathe ftart und charatterfest genug, den Lodungen und Berführungefunften Ludwigs XIV. und feiner Staatsmanner zu widerfteben. Alls der Rurfürft-Erzbifchof Johann Philipp von Maing mit Frankreiche Unterftupung die Erbherrlichkeit über die Stadt Erfurt, Die im dreißigjabrigen Rrieg unter Schwedens Beiftand reichsflädtische Rechte erworben hatte, wieder geltend machte, murbe in Dresden mittelft Beftechung einflupreicher Rathe durchgefest, daß der Aurfürft der Stadt die jachfifche Schuphoheit entzog, was zur Folge hatte, daß das mit der Acht belegte und son frangoficem und lothringischem Rriegsvolt bedrangte Erfurt fich wieder ber geiftlichen Herrschaft unterwerfen mußte. Das nachträglich erwirkte taiferliche Salvatorium 1664. zegen folche "illegale und beschwerliche Alienation" blieb ohne Birtung. Bei dieser Belegenheit fah man zum erstenmal französische Truppen bis nach Thuringen vordrinjen (S. 364). Diefe hinneigung ju Frankreich, die in der Eifersucht auf Brandenjurg ihren tiefften Grund hatte und dem frangofischen Machthaber die Einwirkung auf Deutschland wefentlich erleichterte, batte zur Folge, daß das frangofifche Sofwefen mehr ind mehr in Sachfen nachgeahmt ward. "Der Rurfürst felbst war ein großer Freund ber Pracht und der Bergnugungen und opferte ihnen Summen auf, die bas bom Rriege per fo febr entfraftete Land taum aufzubringen wußte" heißt es bei Bottiger. "Der Hofftaat wurde durch die jest erscheinenden Rammerherren (42 im 3. 1681), unter eenen auch ein vom Raifer geabelter Caftrat de Sorlofi mar, ber bes Rurfürften Bunfting gewesen sein foll, bedeutend vermehrt, und durch die ungabligen Beste, Rachtturtiere bei Fadeln, Bagben, Lowenbegen, Romodien, italienifche Opern, wendifche Godeiten, Birthfchaften und andere Masteraden und Aufzüge, Feuerwert, Bogel- und Scheiben-Schießen eine Quelle taum ju verantwortender Berichwendung". Und welche Summen verfchlangen die Garden und Leibcompagnien ju Ros und ju guß, die Prachtauten, das Opern- und Romodienhaus, die Ball-, Reit- und Schiefhaufer, die Runftammer, die Ausschmudung des Schloffes, die Anlegung des großen Gartens, die Anange eines flebenben Beeres! Bergebens erhoben bie Lanbftande Ginfpruch gegen einen lugus, der schon im 3. 1660 hof und Staat an den Rand eines Banterotts brachte mb zu einer Burudhaltung ber Binszahlungen zwang; ber Rurfürft erklärte, "bie zu

Bobann

die Bohlfahrt eines biedern treubergigen Bolles unbeachtet. Eine ganz andere Ratur mar Johann Georg III. Richt auf hofpracht, Runft und Georg III. 1850—1691. friedliche Lebensgenuffe war sein Sinn gerichtet, sondern auf Krieg und Politik. Und wenn auch Sachsen nicht berufen fein tonnte, auf eigene Band in die großen Beltbegebenbeiten einzugreifen, fo hat der Aurfurft boch ftets unter Raifer und Reich wider Die Beinde geftritten, welche bon Often und bon Beften die Grengen bedrohten. Lebzeiten seines Baters hatte der willensfraftige Fürft bei Singheim wider Turenne gefochten; und in ber großen Schlacht unter den Mauern Biens wider die Eurten haben fachfiche Bulferegimenter unter des Aurfurften eigener Führung nicht unwefentlich zu bem flegreichen Ausgang beigetragen. Und als Johann Georg nach diefem Greignis berftimmt über das wenig entgegenkommende Benehmen des kaiferlichen hofes gegen den lutherifchen Bundesgenoffen wieber in fein Land gurudtehrte, tampften fachfifche Regimenter in öfterreichischen und benetianischen Diensten wider den Erbfeind der Christenheit in Ungarn und im fernen Beloponnes. Bor Roron, Rabarin, Modon und an vielen andern Orten

wurde der Rame der fachfifden Oberften Schonfeld und Coppauer mit Rubm genannt, und bei der Eroberung von Dfen waren 5000 Sachfen unter Christian von Merfeburg thatig. Bugleich mabrte ber Rurfurft feine oberherrlichen Rechte gegen die verwandten Scitenlinien. In dem Dresbener Glucidationereces vom 12. Sept. 1682 mußte ber Beißenfelfer Bergog bas Brimogeniturrecht und andere turfürftliche Brarogativen anerkennen. Roch ruhmlicher war die Saltung Johann Georgs III. gegenüber der frangofifchen Croberungspolitit. In bemfelben Jahr, da Strafburg dem Reich ents riffen ward, folog er mit Friedrich Bilhelm von Brandenburg das Bundnis von Binfterwalde: benn, fprach er eben fo verftandig als vaterlandifc, "nicht eber wurde Ludwig ruhen, als bis er die Raifertrone an fich gezogen und der deutschen Nation daffelbe Soch aufgelegt, welches Frankreich brude. Die Uneinigkeit der Deutschen sei es, welche bem Frangofen Die Bege baue. Man muffe eber bas Meußerfte magen, als es unter ben hartesten Bedingungen ju einem gleisnerifden, icanbliden und verberbliden Frieden tommen und ohne Roth das fremde Joch fich auflegen laffen." Aber nicht alle

beutschen Fürsten theilten diese hochberzige Anficht. Ludwig XIV. gewann Beit, feine Reunionen zu vollenden. Erft als das Mag übervoll mar, tam es zu dem uns betannten zweiten Coalitionstrieg, in welchem ber fachfifche Aurfurft, ber Berbundete Bilhelms von Oranien, wider die Frangofen ins Beld jog. Bei der Belagerung von

diefer Rheinfestung fehte ber Rurfurft über ben deutschen Strom; aber fein geldmarfcall Schöning vermochte fich mit dem taiferlichen Oberfeldberrn Caprara nicht zu berftandigen, daher murde wenig ausgerichtet. Der Rrieg war erft recht im Beginnen, als Johann Georg wegen angegriffener Gefundheit feine perfonliche Theilnahme aufgeben 12. Sebt. mußte. Rrant wurde er nach Lubingen gebracht, mo er im 45. Lebensjahr farb.

Aug. 1860. Mainz fand sein Berwandter Christian von Beißenfels den Lod; nach der Capitulation

Sein Tob war ein fcweres Unglud fur bas fachfifche Land und Bolt. Denn Johann war auch seine Regierung nicht frei bon Uebeln; verschlangen auch seine Reisen und 1091-1094. Rriege hohe Geldsummen, welche die Landstande mit Seufzen bewilligten; fo murde doch alles Schlimme jugebedt und in Bergeffenheit gebracht burch die Leibenschaften feiner Cohne, denen nach einander die baterliche Berricaft gufiel. Dit ihnen begann in Dresden das Matreffenwesen, das fo viel Unbeil über das fachfische Land bringen follte. Johann Georg IV. trat in die Rriegspolitit des Baters ein und erneuerte mit Friedrich III. von Brandenburg den Bund auf einer perfonlichen Busammentunft beider Fürsten in Lorgau. Ein gemeinschaftlicher Rittergrben "bes guldenen Armbandes" mit 3an. 1692. den Devifen "aufrichtige Freundschaft" und "auf immer vereinigt" follte Beugniß geben von dem eintrachtigen Busammengeben und eine Doppelheirath des Rurfürsten und feis nes Bruders Friedrich August mit zwei dem Brandenburger Saufe angehörenden Frauen, ben Markgrafinnen von Anspach und von Baireuth , das Bundniß befiegeln. Diefe Chen brachten teinen Segen. Johann Georg hatte fcon zu feines Baters Lebzeiten ein Liebesverhaltniß angefnüpft mit ber Tochter bes Garbeoberften Rudolf von Reig : fcub, einer febr fconen, aber ungebildeten und verbublten jungen Dame. Rach feiner Thronbesteigung erhob er die Geliebte jur Reichsgrafin von Rochlig, befchentte fie mit Gutern und mit einem Balafte und umgab fie mit einem Aleinen Sofftaat. Die Bermählung, die der Aurfürst wider Billen einging, vermochte ihn nicht auf andere Bege zu bringen. Magdalene Sibylle und ihre intrigante Mutter mußten den liebefüchtigen Fürsten immer tiefer in ihre Repe zu ziehen: man redete von einem schriftlichen Cheversprechen; in einer Flugschrift wurde eine Bertheidigung der Voltgamie versucht. Das dadurch zwischen Dresden und Berlin erzeugte Difverftandniß murde noch gefteigert durch die feindseligen Butragereien bes Feldmarschalls Schoning, eines Sbelmanns aus der Reumart, der fich mit dem Brandenburger Bof überworfen hatte und in fachfische Dienste getreten war. Rachfüchtig und intrigant suchte er feinen neuen herrn, beffen Bertrauen er rafch gewann, fo bas ber Oberft von Flemming aus Berdruß darüber in das Brandenburgifche Beer eintrat, auf andere politifche Bahnen ju führen. Aber alle Blane murden durch unvorhergesehene Ereigniffe bereitelt. Schoning wurde im Löpliger Bad bon ben Defterreichern feftgenommen und auf bem Spielberg in haft gebracht, wodurch die Berhandlungen mit dem frangofischen Gefandten ins Juni 1602. Stoden geriethen; und einige Beit nachher wurde die Grafin Sibplle in ihrem 20. Lebensjahr von den Rinderblattern hingerafft, den Aurfürsten, der fich von ihrem Rran- 4. April tenlager nicht trennen wollte, durch Anstedung nach fich giebend. Johann Georg IV., 27. April der lette regierende Fürst, der in der Freiberger Familiengruft seine Ruhestätte fand, war in Beziehung auf Geift, Rraft und Bilbung tein unwürdiges Glied bes Bettiner Fürstenhauses, aber eine Leidenschaft von so heftiger Ratur, daß man fie von Baubermitteln und höllischen Kraften berleitete, raubte seiner turzen Regierung alle Burbe und eble Früchte. Ein inquifitorisches Gerichtsverfahren ber widerlichften Art, in Folge deffen die Reipfdugifche Familie von ihrer Bobe berabgefturzt und ihrer angehauften Schape beraubt ward, war eine der erften Sandlungen der neuen Regierung unter dem jungeren Bruber Friedrich August. Schoning erlangte burch Bestechung eines taiferlichen Minifters feine Freiheit wieder, folgte aber nach zwei Jahren feinem turfürftlichen herrn ins Grab; Flemming tehrte nach Sachfen gurud, wo er fich dem neuen Berricher durch Dienftbefliffenheit bald unentbehrlich machte und ju hohen Chren ems porftieg.

Reine Name ift bis zur Stunde im Munde des fachsischen Bolfes fo ge- Briedrich feiert als der bes Aurfürsten Friedrich Angust des Starten; und boch 1684-1733.

878

hat keiner dem Lande so tiefe Bunden geschlagen, keiner die innersten Gefühle seiner Unterthanen fo empfindlich verlett, teiner die geschichtliche und politifche Stellung bes Rurftaats fo fdwer geschädigt als er. Friedrich August war eine imponirende Fürstengestalt, Die fich ber Boltsphantafie tief einpragte und die Leiden und Schmerzen, welche er bem mitlebenben Geschlechte gufügte, bei ben Rachgebornen in Bergeffenheit tommen ließ. Ein volltommener Cavalier, ber mit glangenden forperlichen Borgugen einen lebhaften gewandten Geift, vielfeitige Bildung, ritterliche Manieren verband, ber die Gunft ber Frauen und bie Buneigung ber Manner in gleichem Grade zu gewinnen wußte, auf bem Schlachtfelbe, in wilbem Sagd. revier fich eben fo ficher und frohnuthig bewegte, wie im prachtichinunernden Salon, im Rreise eleganter Berren und Damen, im Glanze gesellichaftlicher Berannaungen, wie follte nicht im Beitalter Ludwigs XIV. ein folcher Fürft eine hervorragende Rolle in der großen Belt spielen? Und boch mar die Stelle, au der ihn bas Schidfal berufen, fo wenig gerignet, seiner nach Große und Ausgeichnung durftenben Seele ben genugenben Schauplas zu gewähren. Schon als er in jungen Jahren die Lander Curopa's durchreifte, in Bien die Freundschaft bes römischen Ronigs Joseph gewann, in Baris, London und Dadrid bas glangvolle Hofleben und den Lurus der reichen Aristocratie bewunderte, in Italien fich an ben Schaten ber Runft ergotte, nagte an feinem Bergen bas brudenbe Befühl, daß er in dieser Belt der Pracht und Berrlichkeit eine untergeordnete Stellung Und doch trug er das Bewußtsein in fich, daß er alle Gaben befite. fich auf ber Bobe bes Lebens mit Sicherheit und Auszeichnung ju bewegen. Diefes Migberhaltniß zwifchen ber inneren Sehnsucht und ber zugewiesenen Stellung verlor fich auch nicht, als ihm durch ben fruben Tod bes Bruders ber turfürstliche Thron zu Theil ward. Denn auch ber beicheibene Birtungefreis eines von Ritterschaft und Landständen beschräntten Reichsfürften tonnte feinen Stoly und Chrgeiz nicht befriedigen. Fur die hohe Regentenaufgabe, das Erb. land feines Baufes burch verftandiges Birten von den wirthschaftlichen und gefellschaftlichen Schaben ju befreien und zu neuer Bluthe emporzuheben, fehlte ihm Sinn und Bingebung. Er wollte hober hinaus; er wollte im Rathe ber Machtigen mitsprechen, die Berrlichkeiten ber Belt genießen, bie er in ben großen Sauptftadten tennen gelernt, bom Glanze ber Majeftat fich umleuchtet feben.

Der Reli

Die Feldzüge in Ungarn, beren wir früher gedachten (S. 460), trugen bem Rurgionewechfel. fürsten gerade nicht viele Lorbeeren ein, wenn schon die Türken ihn wegen seiner Riesen ftarte "die eiferne Band" nannten. Doch murbe ber Freundschaftsbund mit Joseph noch inniger gefnupft, aber auch zugleich der Uebertritt jur tatholischen Rirche eingeleitet. Bie viel dabet der Raisersohn selbst, wie viel die Bekehrungskunft der Jesuiten, wie viel die Bureden des Convertiten Chriftian August von Sachfen-Beit, Cardinal und Erzbifchof von Gran mitgewirkt haben, ift fcmer zu entscheiden; der durchgreifendfte Beweggrund mar aber offenbar der Bunfc, burch ben llebertritt bas hindernis ju bescitigen, das feiner Ronigswahl in Bolen entgegengestanden hatte und bon der Segenpartei ju Gunften des frangofischen Mitbewerbers ausgebeutet worden ware. Go gefcab

denn in Baden bei Bien ber verhangnisvolle Schritt. Das fachfifche Bolt murde, als 23. Mai (2. Suni) das Geheimnis bei Gelegenheit der Ronigswahl offentundig ward, bon großem Schmerz 1697. ergriffen. Im bangen Borgefühl ber tommenden Dinge ftimmte die Dresdener Gemeinde nach Beendigung des Tedeum für das Bahlergebniß im polnischen Reichstag das fromme Lied Selneders an : "Ach bleib bei uns herr Jefu Chrift"! Selbft die 24. 3 fei erliche Erflarung, welche der Rurfurft nach feiner Rronung als Ronig August II. befannt machen ließ, daß er die Bewiffensfreiheit feiner Unterthanen und die Augsburgifche Confession nicht berlegen werde, daß die lutherifche Religion, die Landesverfaffung, Rirchen, Universität und Schulen in Sachsen in dem bisberigen Buftanbe verbleiben follten, bermochte die Unruhe und Beforgniß nicht aus den Gemuthern zu verfcheuchen. Eben fo wenig wurde die Berfugung, daß ein ebangelifcher Furft des Bettiner Saufes bas Directorium in Rirchen- und Religionsfachen in Berbindung mit bem geheimen Rathe in Dresden zu führen haben folle, von dem fachfischen Bolt als genugende Burgicaft für die Erhaltung ber bisberigen Ordnung in Staat und Rirche angeschen. Beigte . boch die Cinjegung des Fürften Egon von Fürftenberg jum Statthalter von Sachjen und die Errichtung einer neuen Regierungsbehorde, welche die bochfte Gewalt in den Rurlanden ausüben, eine Mittelstellung zwischen dem Rönig und seinen sächsischen Unterthanen einnehmen follte, daß es mit diefer Erflarung nicht fo ernft gemeint fei. Rur auf die nachbrudlichften Borftellungen ber Landftanbe murbe nach einiger Beit ber Revifionerath wieder aufgehoben und eine andere Ginrichtung getroffen.

Bir werben bem fachfisch-polnischen Berricher in ben folgenden Blattern noch oftere begegnen. Um die leere Burde eines Schatten-Ronigs zu erlangen, brachte er fein Erbland um die ehrenvolle Stellung eines Bauptes bes protestantifchen Deutschland, die es bisber inne gehabt, und die von ber Beit an auf Brandenburg-Breugen überging. Und um feiner Sinnlichfeit, feiner Brachtliebe und seinem Chrgeize zu frohnen, schlug er die treue Bingebung seines Boltes und ben Boblftand feines Landes in ben Bind. Ueber Opern und Concerten, über Reftlichkeiten und Luftschwelgereien, über Matreffen und Jagdpartien überfah der gewiffenlofe Fürft die Ehranen feiner Unterthanen in fcmeren Beiten und die Leiden feines gedruckten hartbesteuerten Boltes; und um feinem Thron einen pornehmen aristofratischen Charafter zu geben, begunftigte er Abel und Ritterichaft auf Roften ber Burger und Bauern. Und bennoch hat bie Rachwelt ibn gefeiert! Es liegt in ber Ratur ber Menfchen, bag fie bie Bergangenheit gern in einem verklarten Bilbe betrachten, die Schatten burch bie Lichtseiten verschwinden laffen, zumal, wenn eine imposante Perfonlichkeit die Buge bagu Und eine folche Perfonlichkeit mar Rurfürst Friedrich August ber Starte. In allen feinen Banblungen lag eine gewiffe Genialität; er fpielte ben großen Berren mit angeborner Sicherheit; in ble gewaltigen Beltverhaltniffe griff er mit fuhner Band ein. Ein folder Mann, ber feine Stellung auf ber Sobe des Lebens mit Birtuofitat behauptete, ber ben Runftfinn nahrte, ber die Rolle eines Ronigs und eines Ritters fo meisterhaft zu entfalten wußte, ber ben Geschmad und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itbildung in seiner Umgebung gur Beltung brachte, wird ftets die Phantaffe bes Boltes feffeln, ftets bas Intereffe eines Biftorifers erregen, wie febr es auch immer ben Menschenfreund betrüben mag, daß burgerliche Tugend und driftliche Sitte migachtet wurden, daß über bem weltlichen Luft- und Freudeleben die Thranen ber gedruckten Armuth unbeachtet blieben und wie tief jedes patriotische Gemuth fich verlett fuhlen mochte, daß der so reich begabte Kurft einem Phantom nachjagte und darüber die Burgeln untergrub, welche Sahrhunderte lang Bolf und Fürstenhaus zu gemeinsamem Bachsthum emporgetrieben. Seit bem Religionswechsel Friedrich Augusts gingen die Lebensintereffen der Berricher und der Beberrichten nach verschiedenen Rich. tungen auseinander.

# 5. Aufland unter dem Cause Romanow.

### 1. Der Aufbau des Reichs.

In schweren Tagen hat die russische Ration durch einen Att der Selbsthülfe

3ar Michael. 1613-1645, bie Biebergeburt ihres gerrutteten Staatswesens begrundet, indem fie bem

jugendlichen Saupte ber Familie Romanow die Rrone zuwendete (XI, 900 ff.) Michael Feodorowitich Romanow mare nicht im Stande gewesen, bas Staateichiff durch die schwellenden Bogen zu lenken, batte ihm nicht sein einsichtsvoller Bater, ber Batriarch Bhilaret mit Rath und That zur Seite gestanden, wie ein alterer Mitregent bestimmend in ben Sang ber öffentlichen Dinge einge-+ 1. On. griffen und dreizehn Sahre lang bis zu seinem Tode die höchste Macht ausgeübt. Auch nachdem man mit Schweden und mit Bolen Frieden geschloffen, maren die Buftande des Reiches noch schwierig genug: Die Finanzen waren zerruttet, das Steuerwesen wenig geordnet, die Unterschleife, die Bedrudung und Thrannei der Anafen und Bojaren in den Provingen ju einer unerträglichen Gewaltherticaft entartet, ber Sandel burch die öffentliche Unficherheit in Berfall geratben. bie militärischen Einrichtungen burch ben Gigennut ber hohen Beamten bernach. laffigt und ben argften Digbrauchen ausgefest, die Geiftlichkeit unwiffend und unfittlich, ber Burgerstand verarmt und verachtet, ber Bauer in ber brudenoften Leibeigenschaft, bas Reich von allen Meeren ausgeschloffen. Da war es denn ein Glud, bag ber neue Bar Dichael burch teine anderen Beidrantungen als bas alte Recht und Bertommen fie ihm auferlegte, in ber Freiheit seiner Sandlungen gehemmt mar (XI, 900), daß er Mäßigung und friedfertigen Sinn mit gutem Billen verband, daß er felbft und fein Gobn fich einer langen Regierungedauer erfreuten, daß Behorfam und Unterwürfigfeit unter die Bewalt bes Groffürsten ber gesammten Nation wie eine beilige Pflicht tief eingeprägt mar. "Alle Bojarentinder, heißt es in einem Reisebericht ber Beit, haben bas Bewußtsein, bas Alle bem Bar But und Blut ichuldig find. Anechtichaft feben die Dostowiter nicht für eine Schande, sondern für eine Ehre an, Alle rühmen fich, des Großfürsten Sclaven zu sein ; sein Bille ift Gefet, felbst wenn er Ginem befiehlt, Bater ober Mutter zu tobten. Damit ein folder Buftand bleibt, ift ihnen verboten aus

dem Reiche zu gehen, aus Furcht, daß wenn sie zu fremden Fürsten und Bölkern tamen, beren Bilbung ihnen die Anechtschaft verabscheuenswerth machen murbe." Beit entfernt jeboch, diese Singebung der Ration jum Ausbau eines autofratifch = absolutiftischen Regierungespftems zu verwerthen oder zu migbrauchen. trug Bar Michael Sorge, die berborragenden Manner in ben verschiedenen Standen zur Theilnahme und Mitwirtung an bem Staatsleben beizuziehen, um bei ben nothwendigen Reformen und Reugestaltungen fich ihres Rathes und ihrer Borfchlage zu bedienen. Es geschah nicht traft einer bindenben Gesehgebung. einer verbrieften Berfaffung, daß ber Großfürft Abgeordnete des Abels, ber Beiftlichkeit, ber Stadtbewohner nach Mostau einberief, um ihre Ansichten aber Fragen innerer Bermaltung und Rechtspflege ober über neue Rriegsfälle au bernehmen; es war sein eigener freier Bille. Auf den Rath seines Baters versammelte er im golbenen Saale ber Barenburg "gute und verftanbige Leute, bie fabig waren, über die erlittene Unbill, Gewaltthatigkeiten und Berheerung Austunft au geben." Die Rundgebungen der Berfammlung follten dem Landesberrn nur die Uebelftande bezeichnen und Wege der Abhulfe vorschlagen; die Entfchliefung und Ausführung blieb allein ihm felbst und feinen Regierungsorganen vorbehalten ohne alle Controle ober Rechenschaftspflicht. Die Beweise von Bertrauen und Lopalitat, die dem Baren von allen Seiten dargebracht murben. tonnten ihn nur anspornen, wiederholt folche berathende Bersammlungen einguberufen: alle Rlagen, bie barin laut wurden, galten ben Difbrauchen, ber Raubsucht, ber Gewaltherrschaft, ben Beruntreuungen der Bojewoden in den Brovingen, Uebel, die nur durch die zwingende Macht eines unbeschränkten Billens, nur durch die ftarte Sand eines absoluten Berrichers befeitigt werden tonnten. Reine Stimmen der Opposition gegen die Rrone ließen sich boren, fondern nur Aufforderungen, die Bugel ftraffer anzuziehen, die Schaden und Bebrechen zu heilen, die in der Unredlichkeit, Rauflichkeit und Sabsucht ber Großen ihre Burgeln hatten. Der Bar handelte baber gang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ber Ration, wenn er feine Sorgfalt fast ausschließlich ben ftaatlichen und gefellschaftlichen Angelegenheiten guwendete, wenn er ben fich oft genug barbietenden Beranlaffungen au neuen Rriegen mit Bolen oder mit den Turten und Tafaren answeichend mit Gifer und Umficht die inneren Reformen in die Sand nahm. Durch Boltszählung und Bermogensaufnahme murde ber Grund gu einer gerechteren Befteuerung und ju einem ben mahren Berhaltniffen entsprechenben Militarbienft gelegt; burch ftrenge Brufung und Beauffichtigung ber Berwaltung und Rechtspflege murben Digbrauche gehoben, bas Unsehen ber Regierung geftartt, bie Unterthanen burch Bertrauen und Gehorfam aufs engfte an den Thron gefnupft; burch Sittengesete und Boligeiverordnungen der Trunt. jucht, ber Ausschweifung, den lafterhaften Gewohnheiten des Bolfes Schranfen nefest. Durch Begunftigung fremder Einwanderungen aus den europäischen Culturlandern wurde das Rriegswefen verbeffert, wurden Bergbau, Bittenwerte. Eisenhämmer, Mühlen in Betrieb gesett; Monopolrechte an deutsche und bollandische Raufleute, Sandelsvertrage mit ben Rieberlanden, mit England, mit Frankreich brachten ben Berkehr im innern Rugland in Aufschwung, mehrten Die Gintunfte der Krone und führten bas Reich in die Staatenfamilie Europa's Bugleich murbe Sibirien weiter burchforscht und fester an ben Barenthron geknüpft. Der Ruf von den Reichthumern des Landes an eblen Gefteinen und Metallen, an feinem Belgwert führte Schaaren unternehmender Leute (Brompichlenits) ju ben Ufern bes Ob, bes Jenisei, ja bis jum Amurfluß und jum Ochotstifchen Meer. Stabte murben angelegt und von allerlei Bolt bezogen: Belgin, Beresow, Berchoturie, Tobolst, Rarym, Tomst u. a., in Mostan murbe eine fibirische Rammer eingerichtet, in Tobolst ein Erzbisthum ober Eparchie gegrundet. Ueber Schneefelber, Ginoben und Urmalber trieb bie Gewinnsucht vorwarts; die fleinen Sorben ber Eingebornen wurden unterworfen und zur Tributzahlung gezwungen. Ruffen, Rosaten, Tataren und andere Ginmanberer fiebelten fich an und errichteten Sandelsstationen und vielbefuchte Sabrmartte. - Go rief icon ber Gründer bes Romanowichen Berrichergeschlechts ein Regierungespftein ins Leben, das feinen Rachfolgern gur Richtschnur diente; Michael zeigte die Bege, auf benen fein Sohn Alexei und fein Entel Beter forts ichritten, nur daß diefe, unternehmender und energischer als der Ahnberr, neben ben Künsten bes Friedens und ber Berwaltung auch Baffen und Kriege nicht Denn bas Reich bedurfte ju feinem Gebeiben ausgebehnverichmähten. Das Meer, beffen Bugange Michael burch die Rudaabe ber terer Grengen. von den Rosaten eroberten Sandelsstadt Asow an die Turten und burch den Frieden von Stolbowa mit Schweden aufgegeben hatte, mußte wieder gewonnen Die weissagenden Borte Guftab Abolfs, "von nun an werbe es bem Ruffen ichwer fein, über diefen Bach (die Oftfee) ju fpringen" follten fich nach amei Menschenaltern als unrichtig erweisen.

12. Juli 1645. Michael Feodorowitsch ftarb an seinem Geburtstage, erft neun und vierzig "Er regierte fanftmuthig", beift es in ber Reifebeschreibung von Dlearins, "und erzeigte fich fowohl gegen Auslandische als Einheimische glimpflich, fodaß Jedermann bafür hielt, das Land habe wider Bewohnheit in vielen bunbert Jahren nicht einen fo frommen Berrn gehabt". Ihm folgte fein Sohn Alerei Alexei Michailowitich in einem Alter bon taum fechzehn Jahren. Die neue Regierung Wichallos Willen Busfichten. Dem jungen Fürsten fehlte es nicht an —1676. autem Billen, aber an Rraft und Umficht. Ihm ftand nicht wie feinem Bater ein Philaret zur Seite, ber eben fo weise als mobiwollend und patriotisch bie Schritte bes unerfahrenen Bar gelentt batte; auch feine Mutter ftarb wenige Bochen nach dem Tode bes Gemabls. Defto mehr Einfluß gewann der bisberige Hofineister und Erzieher Alexei's, der eben so habsüchtige als ehrgeizige Bojar Boris Iwanowitich Morofow, auf bie Staateverwaltung, "fo bas fortan fich Bar und Regierung nach seinem Billen und Belieben richteten". Um seine Dacht

fester zu begrunden, verlieh Morofow die wichtigsten Aemter und Sofftellen an feine Freunde und Gunftlinge, hielt ben Großfürften von allen ernften Gefchaften ab und suchte fogar burch Familienbande feinem fürftlichen Bogling naber gu treten, indem er, als der Bar die alteste Tochter eines unbedeutenden Ebelmannes, Miloslawsti, die zwanzigjahrige Maria zu seiner Gemablin ertor, die jungere Schwefter berfelben, Unna, in die Che nahm. Und nun erlangten bie Berwandten der Barin und Morofows die bochften Stellen, die fie auf die eigennütigfte und habgierigfte Beife zu ihrer eigenen Bereicherung ausnutten.

Befonders icandete fic Blefcticheejem ber Borfigende bes boben Gerichtshofes im Aufftanbe Rathhaus durch Rauflichkeit, Dabfucht und gewiffenlose Billfur. Monopole, parteilfc men. und gewinnsudtig an Begunftigte vergeben, vertheuerten die nothwendigften Lebensmittel. Boll Buth über die brudende Erbohung der Salapreife machte die Bevollerung von Mostau ihrer Erbitterung durch einen Aufftand Luft. Morofow's Balaft wurde 1. Juni 1648. erfturmt und ausgeplundert; der Reichrathsbiat (Rangler) Rafar Efchiftai, der das verhapte Salzmonopol an fich gebracht hatte, wurde aus feinem Berfted hervorgeholt und zu Tode geprügelt; Plefchtscheejem mußte am andern Tag der rafenden Menge ausgeliefert werden und fiel ber Boltswuth jum Opfer : fein Schwager Trachaniotow wurde auf der Flucht eingeholt und bor bem Tropzfifden Rlofter hingerichtet. Erft als der Bar die feierliche Bufage gab, daß die Monopole abgeschafft, die Migbrauche befeitigt und rechtichaffene Manner angestellt werden follten, legte fich ber Aufruhr. Seiner Furbitte verdantte Morofow die Rettung. Mit bem Ruf: "Bas Gott und ber Bar will, bas gefchehe"! ftand die Menge von der Auslieferung ab. Gelbft in Ausbruchen ber Buth gegen ungerechte Beamte und Richter vergas bas ruffische Bolt nie Die Chrfurcht und ben Geborfam gegen die geheiligte Majeftat bes Großfürften. Es aefdah ohne Breifel unter bem Gindrud diefer Boltserbebung, bas ber Bar nach einer Gefesbud. Berathung mit der Geistlichkeit, den Reichsbojaren und den bornehmften Sofbeamten die Abfaffung eines Landrechts anordnete. Bu dem Ende murbe eine Juftigcommiffion 17. 3uli ernannt, bestebend aus brei Rnafen und zwei Rechtsgelehrten, welche aus ben Borschriften der Apostel und der heiligen Bater, aus den Gesetzen und Berordnungen der byjantinifden Raifer, aus den Utafen ber Mostowitifchen Großfürften und aus alteren Rechtsbuchern und Urtheilen der Bojarenhofe ein Reichsgesethuch aufftellte. Rach Bollendung der Arbeit wurden die Saupter der Ration,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Standes au einer großen Landesberfammlung nach Mostau entboten , bamit bas Bert ihnen 3. Ottbr. befannt gemacht und burch ihre Unterfchrift befraftigt murbe. Darauf murbe das neue Gefegbuch (Uloshenie) gedrudt und verbreitet mit dem Befehl, daß fortan alle Rechtsfachen nach demfelben entschieden werden follten. Und wie der Aufftand von Rostau Beranlaffung zu diefer legislatorifden Reuerung gegeben, fo führten im folgenden Jahr die Bollsbewegungen in Pftow und Rowgorod jur Errichtung eines Bo- 1650. ligeiinftituts, das unter verschiedenen Ramen feitdem fortbeftanden hat. Alls namlich Boffgei. in beiden Städten, wo fich die Erinnerung an die alte Gelbftanbigkeit noch nicht verloren hatte, Boltsbewegungen mit roben Ausschreitungen ausbrachen, in Pftow weil ein rufficer Raufmann Emilianow im Ramen der Regierung das Kornmonopol ju brudenden Magregeln anwandte, in Romgorob weil ein Aufwiegler die Bevollerung gegen die deutschen Sandelsleute als Anhanger Morosows in Aufruhr brachte, murbe nach der gewaltsamen Unterdrudung der Emporung und der Bestrafung der Radels. führer, die "Rammer der gebeimen Ungelegenheiten" errichtet zu dem Bwed, "bafür ju forgen, daß die Bedanten und Befehle des Bar gang nach feinem Billen aus-

geführt wurden", eine aus untergeordneten Amtleuten und Schreibern beftebende Beborbe, die mehr durch das Geheimnisvolle ihres Auftretens und Birtens als durch ihre Gewalt und Befugniffe baju beitrug, bas Bolt in Furcht und Gehorfam ju halten und von allem agitatorifden Treiben abgufdreden. — Die auswärtigen Rriege mit Bolen

und Schweden, die wir aus fruberen Blattern tennen, ftartten bas Rationalgefuhl und die innere Eintracht; und wenn auch die Grenzen nicht erweitert wurden, fo hatte boch der Abfall der Rosaken von Bolen eine Schwächung der Republit und eine Startung bes Mostowitenreichs gur Folge. Aber mabrend Diefer friegerifden und politifden Berwidelungen brang in Aufland mehr und mehr die Ginfict durch, daß die Ration nur dann ju einer ihrer Große entfprechenden Machtstellung gelangen, nur dann über bie angrenzenden Reiche die Oberhand gewinnen tonne, wenn fie fich die Ariegstunft, die Disciplin und Bewaffnung, und alles nühliche Biffen bes weftlichen Guropa ju eigen made, eine Ginficht, die bald jur prattifchen Anwendung tam und im ruffifden Staats-Rriegevers leben eine neue Aera begrundete. Rach ber bisherigen Rriegeberfassung, Die faffung, bie faffung, bie faffung, bie ber horangemeile auch in dem neuen Befegbuch beibehalten mar , bestand bas ruffifche Geer borzugsweise aus Reiteret, gebildet aus ben Gutsherren und ihren Rnechten, den alten "Streligen", die in größere Saufen oder Armeecorps ("Bolte") getheilt unter ber gabne der Bojaren und Bojewoden auf das Gebot des Baren ins geld zogen. Diefe Streligen etwa 40,000 Mann bilbeten wie bie turtifden Janiticharen eine ftebende Armee, ober vielmehr, da fie verheirathet waren und die Sohne in den Stand des Baters eintraten, eine Beergemeinde mit mancherlei Borrechten. Der britte Theil bavon biente als Leibwache bes Bar in der Sauptftadt, ben andern fiel die Sut der Grengen ju, wobei ihnen die in befestigten Orten stationirten und mit Grundbefit versehenen "alten Soldatenregimenter" behülflich waren. Diese Beerordnung wurde nach und nach in der Beife umgestaltet, daß ben Streligen und bem alten Landesaufgebot neue Regimenter gur Seite traten, welche durch Aushebung von den Aron-, Abels- und Rirchengutern, burch Aufnahme von Freiwilligen und durch Ginreihung fremder Reislaufer ober Berufsfoldaten zusammengebracht, bon auswärtigen Offizieren in Armirung, Disciplin und Sold nach europäischer Beife organisirt wurden, und beren Sauptfiarte in Fugvolt bestand. Doch dienten darin auch berittene Mannschaften, Dragoner und "Reiter" voraugsweife aus "befiglofen Bojarentindern" bestehend. Mit fcwerem Gefchut verfeben und von den fremden Offizieren militarifc eingeübt waren diefe "neue Regimenter" den Streligen und dem Landaufgebot an Rriegstuchtigkeit bald überlegen. Die fremden Anführer, befonders Schotten, Deutsche, Bollander, erfahrene Leute aus dem dreißigfährigen Krieg ober aus den englischen Bürgertriegen, wie Alexander Leslie stiegen bald au hoben militarifden Memtern empor, wie febr fie auch wegen Berfdiebenbeit der Religion und der Abstammung bei den Gingebornen verhaßt und verachtet maren. biefen geregelten Truppen tamen noch die Rofaten als Miliz oder zu Streifzugen.

Zar unb Patriard.

Die Neuerungen bes Bar gaben viel Mergerniß, jumal ba ber größere Militaraufwand die Abgaben mehrte und finanzielle Berlegenheiten und Rothstande bereitete; die Berwirrung im Munzwesen verbunden mit Falschmungerei erreichte eine foche Bobe, daß in den fechziger Jahren mehrere Boltsaufftande ausbrachen, die mit einer Strenge unterdrückt werden mußten, wie fie unter ber borbergebenden Regierung nie borgetommen mar. Aber je mehr bie Anbanger bes Alten dem Bar bofen Billen trugen, daß er die Einrichtungen und Satzungen ber Uhnen durch Reformen umgestalten wolle, daß er "fremden Bottern biene"; um fo ftanbhafter mußte Alerei auf bem betretenen Beg beharren, wollte er

nicht die fouverane Machtfulle fowachen. Darum unterließ er in feinen fpateren . Regierungsjahren die Ginberufung der weltlichen und geiftlichen Magnaten und städtischen Bertreter zu berathenden Berfammlungen, wie fie früher ftattgefunben, bamit nicht von feinem freien Billensatt ein Recht fur fie felbft, eine Pflicht für den Baren abgeleitet werden mochte. Bor Allem war er befliffen, feine unbeschränkte Antorität gegenüber ber Rirche aufrecht zu halten. Unter ber vorigen Regierung batte ber Batriarch von Mostau, bas Oberhaupt des ruffifchen Alerus eine Macht genbt, die ber bes Baren gleich tam, fo daß Philaret in den öffentlichen Aftenftuden als "großer Berricher" bezeichnet warb. Diefe Stellung fuchte Riton, bem Alexei im Jahre 1652 bie Patriachenwurde übertrug, auf immer für die Rirche zu gewinnen. Es ift nicht gewiß, ob er fich felbst ben Titel seines großen Borgangers beigelegt und baburch feinen Rang dem bes Staatsoberhauptes an die Seite geftellt hat; aber bon feinen Untergebenen und Anhangern wurde ber Chrentitel Philarets auch auf ihn übertragen. Diefe Ueberhebung reigte ben Reid und Groll ber Rnafen und Bojarenhaupter und fie unterließen nicht die Gifersucht und den Argwohn des Baren gegen den Stolz und die Anma-Bung des Patriarchen zu weden. Alexei war dem bedeutenden Rirchenmanne, der von geringer Bertunft burch wiffenschaftlichen Gifer wie durch driftliche Eugend und Sitte fich ju folder Sobe und Auszeichnung emporgearbeitet hatte und wegen feiner Bohlthatigfeit, Enthaltfamteit und ascetischen Lebensweise wie ein Beiliger verehrt murbe, in hobem Grabe gewogen, er hatte ibn fruber aus einer Rlofterzelle in der Rabe des weißen Meeres auf den erzbischöflichen Stuhl von Romgorod berufen und ihm ftete 'die größten Beweife von Bertrauen und Berehrung gegeben. Aber bie Gingriffe in die Staatsangelegenheiten wollte er nicht dulden; von der Barin und einer bem Batriarchen feindlich gefinnten Sofvartci aufgeftiftet, entzog er ihm mehr und mehr die Mitwirtung an ben öffentlichen Geschäften. Riton ertrug diese Entfremdung bes Monarchen nicht mit Gleichmuth. Er feste eigenmächtig einen Stellbertreter ein und jog fich in bierarchischem Stolg in ein Rlofter gurud, ohne jeboch feine Burbe aufzugeben. Daburch führte er feinen Stury herbei. Der Bar ließ ibn vergeblich auffordern, entweder nach Mostau gurudgutehren oder feiner Stelle gu entfagen. Riton bermeigerte beides und bewirfte durch diesen Eros und Uebermuth, das Alexei ibm seine Gunft ganglich entzog und ben Gegnern besfelben mehr und mehr fein Dhr lieb. Und beren Bahl war nicht gering; benn ber Patriarch hatte nicht nur burch feinen hierofratischen Starrfinn die weltlichen Burbentrager gegen fich aufgebracht, er hatte auch durch liturgische Reformen bei der Beiftlichkeit und ben Gemeinden eine ftarte Opposition hervorgerufen.

Im Laufe der Beit hatten sich namlich in den slavonischen Kirchenbuchern und Glau- Kirchenres beneformeln wie in der flavonischen Uebersehung der heil. Schriften Abweichungen von Nittons den altgriechischen Sahungen, Ausdrücken und Gebräuchen eingeschlichen. Bei einer Ausgang. Bergleichung mit den alten Handschriften der griechisch-orthodogen Kirche tam es zu

Tage, das die in der rufficen Kirche gebrauchlichen dogmatischen und rituellen Texte und Rorfdriften (ber Stoglawnit) nicht in Allem mit den Symbolen und dem Bortlaute der altgriechischen Muttertirche übereinstimmten. Riton trug daber Sorge, das durch fdriftfundige Beiftlichen und Theologen eine Revision der ruffifch-flovenischen Religionsbucher vorgenommen, an-der Sand alter Manuscripte das Fehlerhafte beseitigt und neue Agenden und Tegtbucher mit möglichfter Annaberung an die altgriechischen Formeln und Ausbrude angefertigt und eingeführt wurden. Aber nicht Alle waren mit diesen Menderungen einberftanden; Biele hielten an bem Gewohnten feft, verwarfen bie Reuerungen als willfürlich und finnentstellend und befchuldigten den Patriarchen, er fei nicht rechtglaubig. Go entftand die Bartei der Rostolniten, "die im Gegenfas ju ber gelehrten Correctheit den boltsthumlich überlieferten Formen und Ausbrucksweifen als Altgläubige treu bleiben wollten." Geiftliche und Monche, die dem Oberhaupte ber Rirde wegen ber von ibm burchgeführten ftrengen Sittenzucht ohnebies abgeneigt waren, nahrten die Ungufriedenheit und den Fanatismus der unwiffenden Menge. Diese innere firchliche Angelegenheit stand in teinem diretten Busammenhang mit bem Conflitte zwifden Rrone und Patriarchat, ba Alexei felbft und die Mehrheit des Rlerus und der Glaubigen die Menderungen billigten; aber fie mochte doch den Baren in dem Borfat bestärten, gegen ben ftarefinnigen Sierarden mit energischen Mabregeln borgugeben. Er berief eine große Angabl geiftlicher Burbentrager aus Rufland und bem Drient nach Mostau, darunter Die Batriarchen von Alexandrien und Antiochien, welche gleichsam ein Concil der griechisch-orthodogen Rirche bilden und als hochster Gerichtshof in ber Streitfache ein entscheidendes Urtheil fallen follten. Der Ausspruch lautete, Riton habe feine Stelle willfürlich verlaffen, mehrere hochgeftellte Manner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Standes ohne Grund gebannt und dem Baren gegenüber die fouldige Chrfurcht verlest. Auf Grund biefes Urtheils wurde ber Batriard, tros feiner muthigen 1666. Bertheibigung seines Umtes entset und ju lebenslänglicher Bufe nach dem entlegenen Rlofter Therapontow verwiesen, jum großen Schmerz des Boltes, das den beiligen fittenftrengen Priefter boch verehrte. Die von ihm angeordneten liturgifchen und dogmatifchen Aenderungen dagegen und die Berbofferungen ber Rirchenterte in den kanonischen Buchern wurden als richtig anerkannt und von der Synode fanctionirt. Aber Die Partei der Altgläubigen bestand fort trog Strafen und Bußen, wodurch man die Widerftrebenden jum Gehorsam zwingen wollte, und hielt fest an den Gebrauchen, Borfdriften und Bebetsformeln des Stoglamnit. Sie trug zugleich die Reime einer politischnationalen Opposition gegen die Ginführung fremder Sitten und europaischer Cultur in ihrem Schoofe. In jenem Berbannungsort murde Riton wie ein Gefangener unter ftrenger Aufficht gehalten, mahrend die Patriarchenwurde von gang Aufland einem gefügigeren Rirchenhaupt, bem Archimandriten Joaffaph übertragen warb. Erft nach Alexei's Lod wurde dem gefturzten Pralaten gestattet, nach feinem geliebten Alofter Bobtregenst gurudgutehren. Aber er follte nur als Leiche babin gebracht merben. Er ftarb auf der Reife (17. Aug. 1681) und wurde dann mit den feinem Range gebührenden Chren bestattet.

### 2. Bar feodor und die Regentin Sophia.

Tob Mitten in dem Krieg gegen die Kosaken und Türken, dessen wir oben Ersuschen.

30. San wähnung gethan (S. 669 f.), starb Bar Alexei, ein Fürst von edlen Anlagen, wohlwollender Gefinnung und großer Frömmigkeit. Aus seiner ersten Che mit Maria Miloslawsky hatte er zwei Söhne und sechs Töchter, aus der zweiten

mit Ratalia Rarbictina, ber iconen Cochter eines geringen Ebelmannes ben vierjährigen Sohn Beter und zwei Tochter. Die Thronbesteigung bes Erftgebornen, Feodor Alexejewitsch ging nicht ohne Gewaltstreiche vor fich. Der Gunft, gewort allexesewitsch ling des verstorbenen Bar, Matweejew, der die zweite Seirath bewirkt hatte, 1876—1882. wurde unter ber Beschuldigung, er babe die Krone dem unmundigen Pringen Beter zuwenden wollen, um bann bie Regentschaft fich anzueignen, bon ben Miloslawski's, ben Bermandten der Mutter Feodors gefturgt, feines Bermogens beraubt und in die Berbannung gejagt. Reue Gunftlinge brangten fich an den Thron und machten ben Anfang der Regierung bes jungen Fürsten durch Sabgier und Gewaltthatigteiten eben fo berhaft, wie einft Morofow und Genoffen die ersten Jahre der herrschaft seines Baters. — Unter Feodor wurden die von Alexei begonnenen Reformen um einen bedeutenden Schritt weiter geführt burch die Bernichtung ber Geschlechtsregifter ober Stufenbucher (Rosrad), durch welche der Dienstrang der Familien im Beer und bei den Staatsamtern bestimmt ward. Babrend bes Türkenfrieges nämlich maren fehr viele Difftande hervorgetreten, Die ihre Sauptquelle in dem fog. "Deft nitfcheft mo", in dem genealogifchen Berzeichniß der zu Memtern und Chrenftellen Berechtigten ihre Quellen hatten. Wer einer Familie angeborte, die unter ihren Uhnen bochgeftellte Burbentrager gablte, durfte denselben Rang als erbliches Recht für fich in Unspruch nehmen und brauchte fich teinem au unterwerfen, ber nicht abuliche Borguge geltend machen tonnte, eine hierarchische Stufenleiter, bei ber tein perfonliches Berbienft in Anrechnung tam, gleichsam ein "goldenes Buch" erblicher Chren- und Familienrechte. Diefe Barriere gegen jeden Fortfdritt wurde nun durch einen durchgreifenden Alt niebergeriffen. Rachdem querft in einer Berfammlung von Militarbeamten unter bem Borfit des reformfreundlichen Furften Baffily Galign der Beichluß Rov. 1681. gefaßt worden war, Die Streligen nicht wie bisber in "hunderte" fonbern in Rotten von 60 Mann zu theilen und ben Offizieren die im westlichen Europa üblichen Benennungen und Rangstufen zu geben, fo daß die bisherige Stellung in der Dienftordnung durchbrochen, der Dienftrang nicht nach erblichen Beboraugungen, sondern durch die freie Entschliebung des Bar bestimmt murde, berief Feodor die Baupter der Bojarenariftofratie, der Landesfirche, der Beamtenschaft 3an. 1682. in den Audiengfaal feines Schloffes, fette die Difbrauche des Definiticheftwo auseinander und brachte die Berfammlung ju dem Befchluß, daß die genealogiichen Geschlechtsregister vernichtet, bas Inftitut ber Rosradtammer aufgelöft werben follte. Und noch in berfelben Sitzung wurden fammtliche Rang. und Stufenbucher bor den Augen bes Bar und der hoben Burdentrager verbrannt. ein Staatsftreich, durch den dem altruffischen Befen die Burgeln abgebauen und bem Ginftromen europaifcher Ginrichtungen und Cultur Die Schleußen geöffnet Un Stelle ber Rangbucher mit ben erblichen Ansprüchen ber Rach. gebornen murbe die Unlegung eines Abelebuches angeordnet, "bas jeboch feinen andern 3med hatte, als das Andenten an die Borfahren zu erhalten ohne das

auf diese genealogischen Berzeichniffe ein Anspruch auf besondere Bevorzugungen im Staatsbienft begrundet werden tonnte".

Barteibe. Arebungen.

"Eine Ration, die mit orientalisch-flavischer Raturanlage einer andern Berfaffung als der despotischen nicht fabig ift, fagt herrmann, die das Streben und den inneren Drang nicht tennt, bas Befet der Freiheit felbst zu finden, fügte fich feltdem in die Rothwendigkeit, die Ergebniffe, die Rrafte und Botenzen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telligeng in ihr Bereich ju gieben und felbft wider Billen dem weltbeberrichenden Ginflus ber romanifch-germanifchen Bildung fich ju unterwerfen". Durch die Anwendung von Gewaltmaßregeln zu hohen Sweden ift die ruffifche Ration auf dem Bege "autofratifcher Europäistrung" zu einer eigenartigen Beltmacht emporgestiegen. So oft auch bas Altruffenthum, das die firchlichen, politifchen und gefellschaftlichen Buftande der Borfahren festhalten wollte, dem Sindringen der neuen Lebensformen feindlich entgegentrat, wie leidenschaftlich die heimischen Clemente in schroffem Frembenhaß die auslandifchen Ginfluffe zurudzuweisen bemuht waren, fie vermochten den Bang der Dinge . nicht aufzuhalten. Die Opposition scheiterte an der eifernen Rothwendigkeit, an der Macht einer auf die Mehrheit der Ration und auf die Boltsnatur fich ftugenden perfonlichen Gewaltherrichaft.

Die Milos= lawstys und Marvichtins. eigniffe. 27. Apr.

Bu biefer naturgemäßen Entwicklung brangten auch bie geschichtlichen Er-Der schwächliche Bar Reodor ftarb nach einer sechsjährigen Berrichaft 1662 finderlos; fein Bruder ber fechzehnjährige 3man, ber bas nachfte Recht anf den Thron hatte, mar durch forperliche Gebrechlichfeit und Beiftesichmache unfabig zur Regierung, baber murbe auf Betreiben bes Batriarchen Soiafim und der aristofratischen Sofpartei Feodor's Salbbruder, der zehnjährige Beter Alerejewitsch als Bar ausgerufen; bis zu seiner Bolljährigkeit sollte feine Dutter Ratalia Ririllowna Narpichtina die Regentschaft führen. Sollte aber die Bartei ber Miloslamsty, welche bisher den größten Ginfluß bei Sof und in ber Regierung geubt hatte, zugeben, daß der verhaßte Bojar Matweejew, der fofort aus der Berbannung gurudtehrte, und die Bermandten ber Barin, die geringe Abelsfamilie ber Rarpschfin zu Macht und Ansehen gelangten? Dies zu berhindern griffen die Miloslawsty zu einem schändlichen Mittel. Im Bund mit der eben so klugen als ehrgeizigen Zarewna Sophia, Alexei's dritten Tochter aus der ersten Che, die schon bei Feodor großen Ginfluß beseffen hatte und nicht geneiat war, ihr Leben in flofterlicher Burudgezogenheit zu verbringen, reigten fie die Streligen durch falsche Gerüchte und Branntweinspenden zum Aufruhr. Die robe Soldatenschaar, ergrimmt über die militarischen Reuerungen und die Berfurzung ihres Goldes, vergriff fich zuerst an den ihnen verhaßten Oberften und brang bann mit wildem Tumult vor ben Palaft. Man hatte ausgesprengt, Iwan fei von der Rarpfchfin getodtet worden : um diefe Berleumbung zu widerlegen trat Ratalia mit den beiden Großfürsten auf die "rothe Treppe" des Rreml. Bei ihrem Anblid ichien fich die Buth zu legen, die Soldaten gaben den Ermahnungen Matweejews Gebor; aber die Aufreizungen ber Anhanger Sophiens und bie unbesonnene Drohrede des Fürften Michael Dolgoruti, Brafidenten der Strelipen-Ranzlei, trieben die aufgereizten halbtrunkenen Schaaren zu neuen Aus-

Sie stürmten die Treppe hinauf, marfen Matweejew und Dolgoruth auf die aufgerichteten Speere ber untenstehenden Rameraden und ermordeten dann mehrere im Palafte anwesenden Cbelleute, beren Ramen sich auf einer bon ben Miloslamstys angefertigten Lifte befanden. Damit nicht zufrieden, durch. fturmten die Sebenden die Stadt und häuften Grauel auf Grauel. Der Bater bes ermorbeten Dolgoruty, ein achzigjahriger Greis erlag ben tobtlichen Streichen, eben fo ber Rnas Romobanowsti der Sieger von Tichiqirin, der Bojar Iman Rarpfcfin, Bruder ber Barin und mancher andere. Rach biefem blutigen Gingang verlangten die Streligen, daß Iman und Peter gemeinschaftlich berrichen und Sophie die Regentschaft führen follte.

So hatte benn die ehrfüchtige Fürstin das Biel erreicht, nach bem ihre Seele ber- Altruffice langte. Sie lohnte die Leiter und Bertzeuge mit Gnaden und Sprenzeichen und berief unterbruckt. ihre Anhanger in die hoben Staatsamter. Den größten Ginfluß hatte ihr Gunftling, Fürst Baffily Galign, ein geistreicher, gebildeter und der europäischen Civilisation befreundeter Magnat, mit dem Sophia durch garte Bande verlnüpft mar. Da follte fie nun aber bald empfinden, welche Beifter fie und die Miloslamsthe durch die Palaftrepolution wach gerufen hatten. Iwan Chowansti und fein Sohn Feodor, welche an der Stelle der ermordeten Dolgoruft ju Berwaltern der "Streligen-Rammer" ernannt murben , suchten im Gegenfas ju Galigen und der Groffürftin felbft dem Altruffenthum den Sieg zu verschaffen. Richt nur daß die Streligen auf jede Beife bevorzugt wurden, daß fie fich das "Fußvolt des Gofes" nennen durften, daß fie die Guter ber Ermordeten an fich brachten, bas auf bem "fconen Blag" in Mostau ein Dentmal ibre Berdienfte um das Barenhaus der Rachwelt verfunden follte; der herrschfüchtige Chomansti fucte auch mit ihrer Gulfe die Sette der "Rastolniten" oder Altglaubigen wieder in die bobe ju bringen, die firchlichen Reuerungen Ritons und Alexei's abgufcaffen, vielleicht fogar fich felbft bie Rrone anzueignen. Der feines Amtes entfehte Geiftliche Ritita, "Buftosmat", der Scheinheilige genannt, predigte auf offenem Martte gegen die herrschende Rirche, nannte den Patriarchen und die Bischofe Diener des Antidrifts, Berfolger des mahren Glaubens und der heiligen Bucher. Gine bon Chomansti veranstaltete Disputation zwischen beiden Parteien im Audienzsaal bes Barenpalaftes, ber auch die Regentin und andere Glieder der Berricherfamilie beiwohnten, nahm faft ben Berlauf ber Rauberspnode von Ephefus. Der Trop und Uebermuth der Streligen und Altglaubigen ließ eine völlige Umtehr in allen öffentlichen Ungelegenheiten befürchten. Gine folde Reaction, wodurch die Errungenschaften eines Jahrhunderts vernichtet worden maren, wollten Sophia und ihre Rathgeber nicht ins Leben treten laffen; nachbem fie ben "Afterheiligen" Rifita batte verhaften und hinrichten und feine eifrigften Anhanger in entlegene Rlofter bringen laffen, entfernte fie fich aus der Sauptstadt, entbot die übrigen bewaffneten Mannschaften, die nicht wie die Streligen der alten Rirchenpartei angehörten, nach dem Eropptischen Rlofter und ließ die beiden Chowansti, als fie im Bertrauen auf ihre Macht der Ginladung der Regentin eben dabin Folge leifteten, fofort ergreifen und ohne Berbor und Richterspruch umbringen. Diefes energifche 17. Sept. Berfahren hatte die erwartete Birtung. Rach einigem brobenden Aufbraufen gaben die Streligen flein bei und lieferten felbft die Unftifter jur Beftrafung aus. Die Sinrichtung von dreißig Rabeleführern ftellte die Autoritat ber Regierung ber und folug die altruffifche Reaction nieder.

Copbiens

Run tonnte Sophia im Geifte ihres Baters und Brubers bie Regenticaft, Regentschaft 1852—1889. zu der fie über ihre beiden alteren Schwestern und zwei Bittwen-Barinnen "borbei" gelangt mar, ohne innere Störungen fortführen: 3man mar blobfinnig, Beter ein unmundiger Anabe, ben man leicht unschädlich machen konnte. Go ficher fühlte fich die ehrsüchtige rantevolle Barentochter, daß fie nach einiger Beit ben Titel "Selbftherricherin von gang Rugland" annahm. Die großen politischen und friegerischen Berwidelungen ber europäischen Staaten, die uns aus früheren Blattern bekannt find, trugen nicht wenig zur Erhöhung und Befestigung ihres Ansebens bei : die driftlichen Mächte, die bamals fich zu dem großen Rampfe wider bas Osmanenreich vereinigt hatten, suchten die Bundesgenoffenschaft und bie Mitwirtung Ruglands und erwiesen ber Groffürstin auf bem Barenthron viel Aufmerkfamkeit. Sie erneuerte mit bem Polenkonig Sobiesty ben Frieden, in welchem die Republit allen Anspruchen auf die von Alexei eroberten Land. icaften und Stabte, namentlich auf Smolenst und Riem für immer entfagte, und trat bem großen Rriegebund gegen die Turkei bei. Mittlerweile reifte Beter jum Jüngling beran und erregte die Beforgniß ber Regentin. Sie haßte ben Salbbruder und feine Bermandten mit der ganzen Leidenschaft der Miloslawsty. Man fagte ihr nach, fie habe ihn durch Gift aus der Belt zu schaffen gefucht; aber feine riefenftarte Ratur überftand bie Gefahr; doch foll die epileptische Arantheit, an ber er fein Leben lang gelitten, eine Folge babon gewefen fein. Sophia mochte hoffen durch das Gintreten in die driftliche Baffenbruderschaft gegen jeden Umschwung der Dinge gefichert ju fein. Dazu maren aber entscheibende Baffenerfolge nothig gewesen. Diefe fehlten jedoch ben ruffischen Beeren gerade in dem Augenblick, da die andern Berbundeten in den Donaulandern und aur Cee fo glanzende Trophaen babontrugen. Die Feldzuge, die ber Gunftling ber Großfürstin, Baffily Galigon, beffen militarifche Befähigung feinen ftaats. mannischen Talenten teineswegs entsprach, gegen die Tataren in der Rrim und 1687. im füblichen Onepraebiet unternahm, fielen ungludlich aus: Die Beerfahrt ber Ruffen und Rofaten burch die Steppen mar voll Ungemach und Befchwerben; bie Tataren gundeten bas Gras an, damit die Pferde fein Futter fanden; bald ging auch bem Beere ber Mundvorrath aus; ein verluftvoller Rudzug mußte angetreten werben. Der Rofaten-Betman Samoilowitich wurde ber Berratherei beschuldigt und nach Sibirien berbannt; an seine Stelle trat der verschlagene. treulose Mazeppa, ber einft als Page am Sofe bes Polentonigs Johann Cafimir Dai 1689, gebient hatte. Ein zweiter Feldzug, zu dem Galighn zwei Jahre fpater fchritt, hatte keinen beffern Fortgang: muhfam bewegten fich die Ruffen über bas Steppenland am Onepr bis in die Rabe von Peretop, magten aber nicht bie Balbinfel Rrim ju betreten, sondern jogen wieder ab, ohne ben Sataren ben geringsten Schaben jugefügt ju haben. Dennoch murben Führer und Solbaten

als Sieger gefeiert und mit reichen Beschenken belohnt.

Diefe ehrlofe Rriegsführung zu einer Beit, wo die driftlichen Geere unter Der mis-Pring Eugen die glanzenoften Lorbeeren über die Mohammedaner erfochten, Staatsfreich emporte den muthvollen ehrliebenden Barenjungling Beter, der jest ein Alter von Surg. fiebengebn Sabren erreicht, durch natürliche Anlagen und gute Erziehung eine frube geiftige Reife erlangt und fich bereits mit Eudoria einer Bojarentochter aus der alten und reichen Familie ber Lapuchin vermählt hatte. Er machte ber Balbichwefter bittere Borwurfe über die elende Rriegsführung und über die Berichleuderung der Staatsguter an unwürdige und verdienftlofe Menschen und verlangte, daß fie bei öffentlichen Belegenheiten nur als Großfürstin, nicht als "Selbftherrscherin" erscheine. Sollte aber die ehrfüchtige Barentochter die souverane Gewalt, Die sie fieben Jahre lang geubt, an den jungen Salbbruder abgeben, den verhaften Rarpfcfins das Staateruber überlaffen? Lieber wollte fie den Beg der Revolution betreten, die Beifter des Altruffenthums ju Gulfe Beter hatte in dem schöngelegenen Luftschloß von Preobraschenst, wo er unter der Aufficht seiner Mutter und ber Fürsten Boris Galigon und Jacot Dolgoruti feine Jugend verbrachte, frubzeitig feine militarifche Anlage und feinen wißbegierigen Beift tund gegeben. In ber beutschen Rolonie Globoda, zwischen Mostau und bem Dorfe Preobraschenst, mo die Auslander ihre Bohnungen batten und wo der junge Großfürst viel und gern verweilte, hatte er seine Reigung einigen Fremden zugewendet, die ihm in der Folge wichtige Dienste leifteten, wie der une icon befannte Schottlander Patrid Gorbon und der Sauptmann Lefort aus Benf. Das gebildetere Leben, die edlere Bauslichkeit, der feinere Familienvertehr, die ihm bier vor Augen traten, machten großen Gindruck auf feinen empfänglichen Sinn und flößten ihm Liebe für bas fremdländische Befen ein. Gin Sollander oder Stragburger, Frang Timmermann unterrichtete ibn in der Mathematit, in der Befestigungefunft und in der gesammten Rriegewiffenichaft; unter ber Anleitung bon Gordon und Lefort hatte ber junge Fürst aus feinen Gespielen und Altersgenoffen, benen fich bald auch andere junge Abelige freiwillig anschloffen, eine aus zwei Compagnien bestehende Leibwache gebildet und fie nach deutscher Beife uniformirt und militarisch eingenbt, die erfte Grundlage der beiden Garderegimenter, bes Breobrafchenstifchen und Semonowichen, bie in der Folge den Rern der ruffischen Beeresmacht bildeten. Diese Sinneigung für das Auslandische erwecte ben Reid und die Gifersucht ber Streligen und Altglaubigen : fie fürchteten, wenn Beter die bochfte Gewalt in feine Sande befame, murbe er in feinem Reformeifer über ben Bater hinausgeben. Darauf baute die herrschfüchtige rankevolle Baremna ihre heimlichen Blane. Gegen ben Rath Baffiln Galign's, ben die Leidenschaften weniger verblendeten als feine Gebieterin, beschloß fie die altruffische Reaction wider den neuerungefüchtigen Halbbruder ins Feld zu führen. Feodor Schaklowitoi, der Oberst der Streligen versammelte im Rreinl 6000 Mann dieser Soldatentafte und las ihnen den August 1689. schriftlichen Befehl ber Regentin vor: "ben Bar Peter, weil er deutsche Sitten

\_\_\_

einführe, ben Glauben verlete und die treuesten Sohne des Baterlandes bem Berberben weihe, jugleich mit feinen Anhangern auszurotten." Allein ber Boden mantte bereits unter ihren Sugen. Beter murbe por ber ibm drobenden Gefahr burch zwei Ueberlaufer noch zeitig genug gewarnt, um mit feiner Mutter, feiner Gemahlin und einigen Getreuen aus dem offenen Dorf Preobraschenst nach der Troppfischen Rlosterfestung zu entflieben, wo er vor den Rachstellungen der Salbschwester, die im Ramen des blodfinnigen Bar Iman bas Regiment fortführte, Bon dort aus rief Beter den jungen Abel und die fremden Truppen zu seinem Schute auf. Bald hatte er eine bewaffnete Macht zu seiner Berfügung, die unter ber Anführung bes tapfern und entschloffenen Oberft Batrid Gordon und des ihm befreundeten Lefort jedem Angriff Erop bieten tonnte. Die Streligen verloren ben Muth; fie magten feinen Biderftand, als ihr Anführer Schaklowitoi des Hochverraths angeklagt und nebst einigen Mitschuldigen bin-Bergebens fucte nun Sophia, die immer noch im Ramen gerichtet ward. Imans fich als Regentin geberdete, einen Ausgleich zu erlangen : Die Beweise ihrer aufrührerischen und berbrecherischen Absichten maren fo offentundig, bag alle Bermittelungsversuche scheitern mußten. Sie murbe in ein Rlofter berwiesen, das fie felbst in der Rabe von Mostau erbaut hatte, und unter Aufficht gestellt, damit fie nicht nach Polen entfliehen und dem Reiche neue Unruhen bereiten möchte. Galign murde auf die Fürbitte feines Bermandten, des Fürften Boris, Beters Bertrauten, von der Todesftrafe freigesprochen, aber mit feinem Sohn nach einer entlegenen Proving verbannt, ein Berluft fur das neue Regiment, dem er durch seine Renntniffe und seine Singebung an die fremde Cultur wefentlichere Dienste batte leiften konnen als Alexander Menfchitow, den Beter aus niedrigem Stande ju feinem Rammerdiener und vielvermogenden Bunftling erhob. Aber Baffilp batte fich von ber rantevollen Gebieterin gu tief in ihre ehrgeizigen Plane und felbst in ihre Liebesnete verflechten laffen, als bag ber junge Bar hatte Bertrauen ju ihm gewinnen tonnen. Um 9. September 1689 hielt Peter als Herricher bes ruffischen Reiches unter bem Jubel des Bolts feinen Gingug in den Rreml. 3man durfte bis zu feinem Tod (1697; ben Barentitel führen und in den öffentlichen Urkunden ale Mitregent genannt werden. Die Geschichte weiß nichts von ihm zu berichten, als daß brei Tochter aus seiner Che ihn Bater nannten. Davon mar bie alteste, Ratharina, an den Bergog von Medlenburg, die zweite Unna an den Bergog von Rurland vermählt.

Befort. Franz Lefort, Sohn eines angesehenen Genfer Bürgers und Rathsherrn geb. am 2. Inn. 1656, war für den Kaufmannstand bestimmt, zeigte aber mehr Reigung für die militärische Laufbahn und trat daher 1674 in holländische Kriegsdienste. Aber unternehmend und leichtsinnig folgte er schon im nächsten Jahr einem holländischen Oberst, der für das russische Heer geworden war, nach Archangel und von da nach Mostau. In der Sloboda, der "Freistatt" der Deutschen, wo alle Ausländer ihren Ausenthalt nehmen mußten, machte der Hauptmann Lesort die Bekanntschaft von Patrick Gordon und begleitete ihn auf dem Feldzug gegen die Lürken (1678). Rach der Schlacht

von Tichigirin unter Romodanowsti's Oberbefehl tam er nach Riem, diente dann im Beere des Fürsten Galigon gegen die Tataren und stieg zum Rang eines Generallieutenant empor. In der fritischen Beriode, da ber Rampf zwischen ber Regentin Sophia und dem Barenfohn Beter ausbrach, ftellten fich Gordon und Lefort mit ihren Truppen auf die Seite ber Barenpartei im Troppfifchen Rlofter. Durch diese Treue und Singebung gewannen beide das Berg des jungen lebhaften Groffürften. Er besuchte fie häufig in der Sloboda und überzeugte fich, daß für feine civilisatorischen Plane in dieser Fremdencolonie die geeignetsten Bermittler zu finden feien. Er fah ein , "daß er eines Mannes bon Bildung, Erfahrung und Renntniffen bedurfte, der zugleich eine Clafticität bes Geiftes wie des Rorpers, einen frifchen froben Muth und einen Thatendrang befag, um ihm auf allen Begen zu folgen". Ginen folden Mann fand ber Bar in Lefort : erzogen in einer reformirten Stadtgemeinde, die an Bildung und Biffen unter die erften Sige und Bflangftatten ber Civilifation gerechnet werben durfte; in Marfeille und Amfterdam in das Induftrie- und Sandelsleben eingeführt, hatte der talentvolle Mann fic Renntniffe, Erfahrungen und Ginfict gefammelt, die feinem neuen Baterlande nutslich werden konnten, und jugleich in religiofen und politischen Dingen einen freieren Standpuntt und eine tosmopolitifche Beitherzigfeit gewonnen, die ihn auch unter einer Bevolterung anderen Glaubens und anderer Rationalität eine friedliche Bertftatte finben ließen. Dazu tamen noch feine, liebenswurdige Manieren, die ihm icon fruber Die Gunft der beiden Fürften Galighn erworben hatten, ein heiteres lebhaftes Temperament und gefellige Gewandtheit und Unterhaltungsgabe. Es tonnte daber nicht fehlen, baß er bei bem jungen empfanglichen Großfürften Bertrauen und Buneigung fand. Bar Beter machte ihn zu feinem Rührer und Rathgeber, befprach mit ihm alle Blane feiner eivilisatorischen Reuerungen und borte feine Borfchlage und Berichte an. Lefort murde fein steter Begletter und Gefellschafter, sein Gunftling und Freund, sein Gefährte auf feinen Entbedungsreifen nach ben Culturlandern bes meftlichen Europa. Die altruffifche Partei betrachtete den hergelaufenen Fremdling stets mit Scheelfucht : fie ftellte ihn als einen Abenteurer bar, ber ben jungen Berricher nicht nur mit den Borgugen ber Civilis fation, fondern auch mit den Laftern derfelben vertraut gemacht habe, eine Anficht, die fich als Tradition auf die folgenden Geschlechter vererbte. Erft ber neuefte Biograph, Moris Boffelt, hat es unternommen, geftust auf Brieffchaften und authentische Documente, den hochgewachsenen, ftattlich schonen Mann, der eben fo traftig und gewandt die Baffen trug, bas Schlachtrof tummelte, bas Bild im forft jagte als er die Feber ju führen und Ideen zu erzeugen und borzutragen verftand, in seiner mabren Geftalt und Bedeutung darzustellen, den Mann, "der bon der Borfehung ausersehen und dazu befähigt mar, an einer welthiftorifden Arbeit, deren Bafis der Genius eines großen Boltes war, thatigen fiegreichen Antheil au nehmen". Die Truntsucht, die er mit feinem herrn gemein hatte, vermochte weder feine Arbeitefraft ju fomachen noch ihn an ber Musführung der schwierigsten politischen und biplomatischen Geschäfte zu hindern. Geniale Raturen pflegen fich nicht immer in den Grengen der Magigung und der guten Sitten au halten; und fo mag auch an der Schilderung von dem luftigen Leben, bon den Erintgelagen mit derben Spagen und Ausgelaffenheit, von dem Tabatrauchen im Rreife luftiger Becher und von tollen Ausschweifungen manches Bahre fein; aber diese dunkeln Schatten follen die Lichtseiten nicht verdeden. Sicherlich hat der Bar aus dem langjab. rigen vertrauten Umgang mit dem ihm fo fympathifchen Manne viele Unregung und Belehrung, viele Gedanken und Entwürfe empfangen, wenn auch, wie schon Spittler richtig bemertt, "ein Ropf diefer Art überall fruh oder fpat feinen Lefort gefunden haben murde". Als Beter auf die Nachricht von dem Lode des Freundes von Boronesch ber-

# 694 E. Die letten Sahrzehnte bes 17. Jahrhunderts.

+ 2. Marz beeilte, sprach er neben der Leiche stehend mit trauriger Miene : "Auf wen kann ich mich 1698. jest verlassen? er war der Einzige, der mir treu gewesen!"

### 3. Peter der große. Erfte Periode.

"Der Bar Beter war ein außerordentlicher Mensch, von einer Schnellfraft, Beter ber Grofe. 1889—1725. Die nie gelähmt werden zu können schien, und von einem Bahrheitssinn, den kein religiofes ober politisches Borurtheil taufchen tonnte. Sein Chrgeix, fo grenzenlos er mar, verleitete ihn nie zur Sitelfeit, feine Bigbegierde nie zur blogen Reugier, fein großer Monarchie-Plan nie zur tahlen Sabsucht des Eroberers, und fo raftlos thätig er war, so standhaft war er auch in allen seinen Entwürfen". Seine Energie und Thatfraft bebte bor feiner Gefahr und bor feinem Sinderniß gurud, und seine glorreichen Erfolge nach Außen fohnten vielfach aus, mas er im Innern Gewaltthatiges beging. Als Mittel ber Cultur bienten ihm Reisen, vertrauter Umgang mit Menschen aller Art und eigene Bersuche. Durch Lefort erfuhr ber Bar querft wie die Lander des civilifirten Europa ausfahen; dies erzeugte in feiner empfänglichen Seele Liebe jur Ordnung und ben Bunfch, einen abulichen Buftand in feinen Staaten berbeiguführen. Und wer mare geeigneter gewesen, ein Bolt, das in roher Sinnlichkeit befangen, von dem Erhabenen und Gottlichen, bon bem Sittlichen und Geistigen im Menschen ein eben nur banimernbes Bewußtsein hatte, auf eine höhere Stufe ber Cultur emporaubeben, bas ruffifche Reich aus einem afiatischen, wie es bisher gewesen, zu einem europäischen Staat umzuwandeln und ihm eine Stellung unter ben herrschenden Rationen anzuweisen, als ber an Beift und Rorper gesunde, von reger Bigbegierbe, raftlosem Streben und unermudlichem Thatigfeitstrieb erfüllte Barenfohn Beter? Es war teine leichte Aufgabe, bei bem herrschenden Fremdenhaß bes ruffischen Bolfes, bei ber felbst unter den Familiengliebern, unter den Sofleuten und Großbeamten verbreiteten Abneigung gegen Renerungen in den bestehenden Buftanden tief: gebende Reformen einzuführen, neue Einrichtungen zu schaffen. genial angelegter Fürst, ber mit klarer Ginsicht und schneller Fassungekraft gugleich ben festen Willen und die durchgreifende Energie und Thatkraft verband. konnte die ungahligen Schwierigkeiten überwinden, die fich feinen Ideen und Abfichten entgegenstellten. Reben ber Berbefferung bes Kriegswefens, die Beter ftets in erfter Linie im Auge hatte, war fein Streben befonders der Befcaffung einer eigenen Marine, einer Rriegs- und Sandelsflotte zugewendet. Als er zur Alleinherrschaft gelangte, hatte Rußland nur in Archangel, an der eisigen Nordfufte einen Safen und Schiffahrtsort, der durch weite Einoden von den belebteren Provingen des Reiches getrennt, gur Entwidelung einer Seemacht gang ungeeigner war. Richts lag ihm baber mehr am Bergen, als bem ruffichen Reich ben Bugang nach ben Meeren im Guden und Besten und eine Marine au ichaffen. Roch jest fieht man in Betersburg das fleine Fahrzeug, das er aus einem alten

Boot durch den hollandischen Schiffbauer Carsten Brandt auf der Mostwa berftellen ließ, und das der Bolkswig den "Grofvater der ruffischen Flotte" nennt. Bald entfaltete fich auf allen Schiffswerften bes ftromreichen Landes eine große Thatigleit; aus Holland und Deutschland wurden Bimmerleute und Bertmeifter herbeigerufen, bei deren Arbeiten Beter selbst Hand anlegte; er reiste wiederholt nach Archangel, um fremde Schiffe in Augenschein zu nehmen und seetundige Matrofen zu werben; auf einer fturmifden Seefahrt führte er felbst bas Steuerruber; ju Boroneich murben Rriegsichiffe gebaut und Lefort jum Abmiral ernannt, mittelft zweier Rebenfluffe und eines Durchftichs die zwei Sauptftrome Don und Bolga in Berbindung gesett. Der Raifer und die driftlichen Machte leisteten bem Baren allen Borschub, damit die Turten und Tataren auch von Norden ber mit mehr Erfolg befriegt werden möchten. Rach mehreren Angriffen wurde Ajow mit Bulfe brandenburgischer, österreichischer und hollandischer Offigiere eingenommen und damit ber erfte Bugang zu dem fühlichen Meer gewonnen. 1697. Mit Geftungswerten berfeben follte bie gunftig gelegene Stadt ein Mittelpunkt bes affatisch-ruffischen Sandels und jugleich ein Rriegshafen werden.

Bor ben Mauern von Afow überzeugte fich ber junge Fürft, daß nur euro- Peters erfte paische Rriegstunft den Ruffen das Uebergewicht über die Turken verleihen konne. 98. Er faßte baber ben Entichluß, seine Nation ber militärischen Einrichtungen und ber gangen intellectuellen und induftriellen Thatigkeit der europäischen Culturvölker theilhaftig zu machen, und alle die geistigen Errungenschaften, von denen er bisber nur aus ben Darftellungen Anderer, eines Lefort und Gordon Runde erhalten, burch eigene Anschauungen kennen zu lernen. Nachdem er die Bermaltung des Staats einem Bojarenrath unter dem Borfit des Fürsten Feodor Romodanowski übertragen und den Oberbefehl über das heer in die Bande des tapfern und umfichtigen Patrid Gordon und bes Generals Alexei Schein gelegt, trat er mit einer großen Barifchen Ambaffabe, begleitet von Lefort, Menschilow u. a. unter dem Ramen Peter Michailow die erste Reise in die Fremde an. Er besuchte Livland und Aurland, er besprach sich in Königsberg mit Aurfürst Friedrich III. von Brandenburg; er unterrichtete fich in Berlin über Rriegswesen und Artillerie. Aber wie murbe erft feine Bemunderung und feine Bigbegierde erregt, als er in Solland bas rege Leben in den Safen und Schiffswerften gewahr mard, als er die Ranale und Damme, die Sagemuhlen, die Del. und Bapiermublen erblickte, die Maschinen und Berkstätten, das lebhafte Treiben in Markt und Straße bemertte! Es ift ja weltbefannt und in Runft und Poefie gefeiert, wie Beter mit gehn Chelleuten aus feinem Gefandtichaftsgefolge in bem Dorfe Sgandam bei einem Schiffbauer Dienste nahm, mit der Art in der Band als Bimmermann auf den Werften arbeitete und Alles beobachtete und lernte. In Amfterdam, wo er an bem verftandigen Burgermeifter Bitfen einen erfahrenen Führer und Berather fand, fette er feine praftifchen Studien und Uebungen fort : er unterrichtete fich über Maschinenwesen, Fabriten, Gewerbe; er ber-

kehrte mit Gelehrten, Technikern und Sandwerkern und warb brauchbare und geicidte Arbeiter für ben ruffischen Dienft. Ueber fechehundert fleißige Berfleute, Runftler, Mergte, Militars fegelten im nachften Frubjahr von Amfterbam nach Rufland ab. begleitet bon einigen frangofischen Refugies. - Der Friedenscongreß von Ryswid hatte damals viele hohe Gafte nach bem Saag geführt; aber Beter bewahrte strenge sein Incognito. Doch hatte er eine Zusammenkunft mit Bilbelm von Oranien, und nahm gerne beffen Ginladung au einem Befuche in In bem regfamen Inselreiche und feiner Beltftabt, Die er im England an. Anfang des neuen Jahres befuchte, wurde er von folder Bewunderung der 3an. 1698. großartigen Seemacht hingeriffen, bag er ausrief: "Bare ich nicht Bar bon Rugland, fo möchte ich englischer Abmiral fein". Sanze Labungen bon Baffen , Rriegematerial , Inftrumenten , Manufacturerzeugniffen wurden in Bolland und England erworben und auf ertauften Fahrzeugen nach Archangel 3m Fruhjahr reifte Beter mit feinen Begleitern über Dresben nach Bien, wo er wieder mit Einwilligung des Raifers Leopold mehrere Officiert

verschiedener Grade anwarb, um bas ruffifche Beerwesen auf europaischem Bus

Eben mar ber Bar im Begriff von ber Donauftadt aus nach Benedig gu

einzurichten, und venetianische Schiffcapitane in Dienft nahm.

Aufftanb und Unter-

brudung ber reisen, als ihn die Nachricht von einem Aufstand der Streligen und Altrussen zur Streilben. schleunigen Rudtehr nach Mostau mahnte. Schon bor feiner Abreife hatte er Runde von einer Berichwörung erhalten. Durch rasche Entschloffenheit und Beiftesgegenwart hatte er das gefährliche Complot vereitelt und die Rabelsführer Schon babei hatte die Barentochter Sophie, beren ehrsüchtige hinrichten laffen. Seele die flofterliche Burudgezogenheit ichwer ertrug, ihre Bande im Spiel. Die Beruchte von bevorftebenden weitgreifenden Beranderungen, die mabrend ber Abwefenheit Beters verbreitet und durch die fortdauernde Ginwanderung fo vieler Fremden bestärft wurden, mehrten die Ungufriedenheit. Die Streligen, Die fic in ihrer bisherigen ungebundenen Lebensweife bedroht fahen, altgläubige Briefter, welche von der Neuerungesucht bes Baren Gefahr fur die altruffische Rirche und für die überlieferten Sitten und Lebensgewohnheiten fürchteten, malcontente Bojaren, benen vor neuen Staatslaften bange war, diefe und andere Clemente, die schon mehrfach ihre Abneigung gegen alle Reformen tund gegeben, vereinigten fich zu einer Empörung, die von den Miloslawstys und der Großfürftin Sophia beimlich genahrt, einen gewaltsamen Umfturg bes herrschenden Regiments berbeiführen follte. Es war ber lette große Rampf bes Altruffenthums gegen die neue Ordnung ber öffentlichen Dinge und Lebensformen. Bon ber lithauischen Grenze follten die Streligen, nachdem fie die verdachtigen Sauptleute weggeschafft, fich gegen Mostau in Bewegung fegen, alle Auslander und Unbanger ber fremben Sitten erichlagen, ben einzigen Sohn Betere, ben taum fiebenjährigen Alexei jum Baren ausrufen und mabrend feiner Minderjahrigfeit ber Großfürftin Sophia wieder die Regentschaft übertragen. Aber als die Aufrührer ber Saupt-

ftadt nabe tamen, ftiegen fie bei bem Boftrefensti-Rlofter auf die Truppen, Die Gordon und auf fein Drangen auch General Schein ins Weld geführt. Es entspann fich ein Ereffen, in welchem die Streligen den beffer bewaffneten Begnern 18. 3uni Ueber viertaufend wurden gefangen und eingefertert, bie übrigen ger-Als Peter über Bieliczta und Rama, wo er mit bem iprenat ober erichoffen. neuen Bolentonig August II. eine Busammentunft hatte, wieder in Mostau eintraf, war der Aufstand bereits unterdrudt, aber er war entschloffen, durch furcht. bare Strafgerichte allen ahnlichen Bewegungen borgubeugen. Und fo murben benn in Mostau und in Preobrafchenst Blutscenen aufgeführt, wie man fie nur zeitweise in Conftantinopel erlebt bat. Das Foltern, Bangen, Rabern, Enthaupten wollte tein Ende nehmen; der Bar legte felbst Sand an. Gin zum Tode Beftimmter rief bem Landesberrn, ber ibm zu nabe ftand zu: "Fort ba, Berricher, hier ift mein Blat"! Denn bei aller hinneigung zu bem europäischen Culturleben blieb Beter boch in Sitte, Dentart und Sandlungsweise ein Barbar, bem Branntweintrinken ergeben, rob in seinen Begierden und Ausschweifungen und wuthend im Born. Bor bem Reufter ber Großfürstin Gophia wurden drei ber Schuldigen aufgefnüpft, Bittichriften, die an fie gerichtet maren, in den Banden baltend. Sie felbft tam mit bem Leben babon, theils aus Rudficht ihrer Geburt, theils weil ihre Mitschuld nicht erwiesen werden tonnte: aber fie mußte bis ju ihrem Tode (1704) in einer engen Rlofterzelle fcmachten, die nur durch eine einzige vergitterte Deffnung Licht erhielt, davor die Galgen mit ben mobernden Leichen. Unbarmbergig folug ber Bar die Anhanger des Altruffenthums nieder: felbft feine Gemablin Eudoria, die ihre Reigung fur bie alte Landesfitte nicht ju verbergen vermochte, wurde verftogen und mußte den Schleier nehmen. Den Batriarchen, ber ihn mit bem Bilbe ber beil. Jungfrau um Schonung bat, ichickte er gornig fort mit ben Borten: Bflichterfüllung gegen bas Bolt fei bas beste Beichen ber Frommigteit.

Der Schreden, ber burch biefe Blutgerichte in Aller Glieder fuhr, tam bem Das veran-Borhaben Beters, fein Reich nach bem Mufter ber europäischen Culturlander land. umzugestalten, trefflich zu Statten. Anzug, Tracht, Wohnung und Lebensweise wurden bei Sofe und in den Bojaren. und Beamtenfreisen nach hollandischem, deutschem und frangofischem Borbilde verandert. Die Barte, in den Augen ber Altruffen die iconfte Manneszier, mußten entfernt werden, nur Bopen und Bauern durften fie beibehalten; im Schloffe, in den Regierungsgebauden, in den Balaften maren Barticheerer aufgestellt, um ihr Bert zu verrichten. Ber bie ruffifche Rationaltracht nicht ablegen wollte, mußte eine Abgabe gablen. Bisber war die Frauenwelt wie im Morgenlande von den Mannern abgeschloffen, jest fanden gemifchte Gefellichaften ftatt, jum Bortheit ber Dagigteit und ber focialen Bildung; ber afiatische Lugus ber Bornehmen an toftbaren Gemandern, Rleino. dien, Dienerschaft und Raroffen borte auf, seitbem ber Bar felbit fich ber größten Einfachheit befliß; Bohnhaufer und Garten wurden nach hollandifcher und

beutscher Beife eingerichtet. Bor Allem war Peter bedacht, bas Beerwefen gang nach europäischem Muster umzugestalten: Die Streligen murben nach und nach aufgelöft, das Aufgebot bes Abels und ber Bojarentinder nur auf Rothfälle be-Die Hauptfriegsstärke bestand in den neuen Truppenkörpern, die aus ben von den Gutsherren und der Geiftlichkeit nach Magnabe ihrer Sofftatten ober Beuerplate ju ftellenden Recruten gebildet und von ausländischen Offigieren nach europäischer Beise eingeübt wurden. Den erften Rang nahmen die beiben Barberegimenter ein, die Bierbe ber ruffifchen Militarmacht. Dem regulären Heere waren Rosaken, Tataren, Ralmuden als bewegliche leichte Cavallerie bei Die Artillerie wurde vermehrt, ber Schiffsbau fraftig geforbert. Der 1699. Carlowiger Frieden, der im nächften Sahr jum Abichluß tam (S. 462), lief Rugland im Befit ber eroberten Stadt Afom. Bereits war auch ber Bau von Taganrog in Angriff genommen. Bie erstaunten die Eurken, ale ploplich eine ruffische Fregatte in ben Hafen von Konstantinopel einlief! Der Schwedentries im neuen Jahrhundert öffnete ben Ruffen bald auch die Oftfee. Mit ber Kraft und bem Juftincte eines ichopferischen Genius nahm Bar Peter bas Bert einer burchgreifenden Umgeftaltung des ruffischen Reiches in feinem außeren Umfange wie in seinen inneren Einrichtungen in die Hand und führte seine Ideen mit Bulfe der in der Fremde erworbenen Erfahrungen und der auslandischen Lebrmeifter ins Leben ein. Bir werden bei einem fpateren Rudblid auf bas burd feine wirkfame Thatigkeit "veranderte Rugland" die Organisationen tennen lernen, die neben und unter den wechselvollen Rriegsereigniffen und Waffenthaten vorgenommen wurden: Die nächste Sorge bes Berrichers war auf die Bermehrung ber Staatseinnahmen durch Erhöhung und beffere Regulirung der Ropffteuer, ber Bolle und Abgaben, auf Ordnung ber Berwaltung und bes gesammten wirthichaft. lichen Lebens und auf feste Begründung feiner souveranen Macht in allen Formen Steuerwesen bes Staats und der Rirche gerichtet. Die Ausgaben für Deer und Flotte, fur die wirthfaft. Rriegsbedürfniffe und die inneren Reformen drangten zu neuen finanziellen und staastotonomischen Magregeln, wie fie in andern Ländern längst bestanden: Die Ropf- ober Personalsteuer, die durch eine neue Boltszählung und durch Ausbehnung auf alle gutshörigen Leute und Anechte ber abeligen und geistlichen Besitzungen einträglicher gemacht wurde, die Auflagen und Sporteln für öffentliche Urkunden und Gerichtsurtel, Die größere Belaftung der Gewerbe und der Nationalindustrie, die ihren Ausgleich in der Erleichterung und Beförderung bet

Hilfsmitteln in Aurzem große Einnahmequellen.
Errichtung Bor Allem war Peter bedacht, die Kirche mit ihren unermeßlichen Reich beitigen thumern mehr als bisher zu den Bedürfnissen des Staats beizuziehen. Dies Sprod. war aber ein schwieriges Unternehmen so lange der Patriarch von Mostau als

Berkehrs, des Bergbaues, der Fabrikthätigkeit hatte, verbunden mit einem geregelteren Geschäftsgang und einer genaueren Controle der Beamten und der Steuerkammern (prikas), schufen in dem weiten Reiche mit seinen unerschäpflicher

firchliches Oberhaupt eine Stellung neben bem Thron beanspruchte. war ein großer Theil des Klerus noch immer dem Rastolnit zugethan, und felbft biejenigen unter ben Prieftern und Monchen, Die gur Staatsfirche hielten, blidten boch mit tiefem Mißtrauen auf die Borliebe des Baren für die tegerischen Länder; fie fürchteten, daß mit ber beutschen Bilbung auch firchenreformatorische Elemente in das heilige Rufland eingeführt und die orthodoge Religion gefährdet werden In diefen hierarchischen Bau wollte nun ber Bar einen Reil treiben; neben bem weltlichen Berricher follte nicht ein Rirchenhaupt fteben und durch eine geiftliche Miliz feine organisatorische Thatigfeit hemmen ober burchbrechen. Da tam es ihm denn au statten, daß im Jahre 1700 ber Batriarch Adrian, der zehnte in ber Reihe ber ruffischen Patriarchen aus bem Leben schied. Beter ernannte feinen Rachfolger, weil die Lage bes Reichs ihm jest nicht die nothige Gemuthe. rube au bem wichtigen Schritt gemahre: er feste einen Berwefer (Eparchen) als "Hüter des Patriarchenstuhls" ein, der mit Bulfe eines Oberkirchenraths alle reinreligiöfen und firchenrechtlichen Geschäfte beforgen follte, mahrend eine bon ibm unabhangige "Rloftertammer" unter dem Borfit eines weltlichen Beamten Die ötonomifchen Angelegenheiten, insbesondere die Rlofterguter unter feine Bermaltung nahm. Der erfte Eparch, Stephan Jaworsty, ber Beters Aufmertfamteit durch eine Rede am Grabe des Bojaren Schein auf fich gezogen hatte, mar trot feiner auswärts geschöpften Erziehung nicht ber rechte Mann fur Die Organisationsplane des herrschers. Sein "Relsen des Glaubens der rechtgiaubigtatho. lischen orientalischen Rirche", eine Schrift, Die nach Beters Tob im Drud erschien, kann als Beweis bienen, daß er fich in den beschränkten Gefichtstreifen altruffischer Orthodorie bewegte. Um fo mehr befaß Teofan Protopowitich, ein aufgeklarter gelehrter Theologe, ber durch Reisen und Studien in Rom felbft die tatholischen, in Deutschland und Solland die reformatorischen Lehrspfteme tennen gelernt hatte, die Gigenschaften und die Bildung, Die Beter wunfchte. Der Bar ließ baber ben provisorischen Buftand fortbesteben, bamit fich Rlerus und Bolt an eine Rirche ohne patriarchalisches Oberhaupt gewöhnen möchten, und ließ fich von Brokopowitich eine Rirchenordnung ausarbeiten, wie fie feinen absolutistischen Anichauungen entschrach. Auf Grund Diefes "Geiftlichen Reglaments" wurde in der Rolge bie Batriardenwurde abgeschafft und aus Bischöfen, Aebten und Erzprieftern ber "Bochheilige Spnod" eingesett, ju dem ber Bar die Mitglieder ernannte und einen weltlichen Staatsbeamten als "Bachter bes Gesehes" ben Sitzungen beiordnete. Stephan Jaworsty wurde Prafident Diefes neuen Oberirchenrathes, mußte aber ben ihm verhaßten Brotopowifich und einen andern eformatorifd gefinnten Rirchenmann als Biceprafidenten neben fich bulben. Seit Dem fand in Aufland Rirche und Staat unter einem absoluten Gelbstherr-Es wird ergablt, als eine Deputation von Rlerifern ben Raifer bat, ber uffischen Rirche wieder einen Patriarchen ju geben, habe er an feine Bruft follagend geantwortet: "Bier ift euer Patriarch"! Das thatfachliche Berhaltnif konnte nicht einfacher und schärfer bezeichnet werden.

# F. Literatur und Geiftesleben.

Literarifche Gulfsmittel. Bei bem folgenden Culturabicnnitt mar ein weites Gebiet wiffenicaftlicher Bulfsmittel ju burchwandern: für bie tlaffifde Literatur Frant. reichs find die Rachweisungen ichon oben G. 350. erbracht. Bu ben bort angeführten Schriften find noch nachzutragen : Die Ginleitung ju Molières Luftspielen überf. von Graf Baubiffin (Lpag. 1865) und Boffuet und bie Unfehlbarfeit von E. Laur (Mannh. 1875). - Fur bie Philosophie und mas damit zusammen hangt tonnten die Berte von Runo Sifcher ("Borlesungen über Geschichte ber neueren Philosophie", Stuttg. und Mannh. 1852 ff. t. 1. 2. 3.), von Eb. Beller ("Gefch. ber beutschen Philosophie feit Leibnig" Munchen 1873.), von Ueberweg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ber Philosophie von Thales bis auf die Gegenwart") Berl. 1865. 66. 2. Aufl. u. a. 28. benutt werden. - Am reichhaltigften find die Quellen und Gulfsmittel für die deut fche Dichtung: Reben den schon öfters angeführten literaturgeschichtlichen Berten von Gervinus, Goebete, Roberftein-Bartich, g. Rurg u. a. findet bie folgende Beriode eine ausführliche Behandlung in: Geich, ber beutschen Dichtung neuerer Beit von Dr. C. Lem de I. von Opig bie Rlopftod Leipzg. 1871. und Deutsche Dichter bes fiebzehnten Sahrhunderte, mit Einleitungen und Anmertungen bon R. Goedete und Jul. Sittmann Leipg. 1870 ff. Bibliothet b. Dichter herausg. bon B. Muller und R. Forfter Leipzg. 1822-38. 14 voll. Bifcon, Dentmäler ber b. Spr. Bb. III. Berl. 1843. - Fleminge beutsche Geb. v. Lappen berg (Stuttg. Berein 1865.) "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ffimus", in mehreren neuen Ausgaben von Reller, (Stuttg. 1854. 62. Lit. Berein), Beinr. Rurg (Leipzg. 1863 f.) u. a. Ueber Mofcherofch (Philander v. Sittemald) G. Ditt mar, Bibl. der Sat. und humoriften 1. Berl. 1830. — Roch, Gefch. des Kirchenlieds und Kirchengesangs. Stuttg. 1852 f. 3 voll. u. a. 23.

## I. Frankreichs klaffische Citeratur.

#### 1. Allgemeines.

Charafter er franzöli:

Ludwigs XIV. Regierung stellte nicht nur die Beriode ber politischen Macht iden Literas und monarchischen herrlichkeit bar, fie mar auch bas goldene Beitalter ber Lites ratur, ber Runfte und Biffenschaften. Bir werden in ben folgenden Blattern die bervorragenden Beifter tennen lernen, welche diefe Culturwelt erzeugten und belebten und den Rubin des großen Ronigs bei Mit- und Nachwelt verfundeten. Bie verschieden immer an Gaben und Richtungen fo waren doch alle ein getreues Spiegelbild bes Bof- und Gefellichaftelebens, die unmittelbaren Berolde ber Denkweise, Anfichten und Gefühle jener vornehmen Rreife, die fich um ben Dof bon Berfailles bewegten, fich nach ihm bildeten, von ihm die Impulfe uud bas Richtmaß empfingen. Die gesammte Literatur trägt ben Stempel außerlicher Glatte und Eleganz, der dem ganzen monarchischen Frankreich aufgeprägt mar und bem Ausland fo machtig imponirte, Diefelbe Reinheit und Politur in Rede

und Darftellung, welche ber frangofischen Sprache die Berrichaft in Europa berichaffte, dieselben formalen Borguge, d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nterhaltung in ben vornehmen und gebildeten Cirfeln ihre Anmuth und ihre Reize verlieben. Sprache, Stil, Bersbau hatten einen leichten angenehmen Fluß, an bem man teine Mube, teine Studien bemerten durfte, die ein Abbild waren von der gragiofen Conversation, wie fie in den Salons herrschte. Nicht durch Originalität ober fuhne Conceptionen, nicht burch schwungvolle Phantafie ober geniale Gebilde glanzten die Dichter und Runftler des flaffifchen Beitalters, fondern burch Schonbeit und Correctheit ber Form, burch außere Politur, burch funftmäßigen Aufbau und Anlage. Die Schriftsteller stiegen nicht in die Tiefe ber Ratur und des Seelenlebens hinab, fondern suchten ihre Borbilder in der vornehmen Belt, in den hofcirteln und geiftreichen Gefellichaftstreifen. Die poetische Begeifterung, Die das Berg ergreift oder die Phantafie zu kuhnen Schöpfungen fortreißt, blieb bein conventionellen Beitalter Ludwigs XIV. fremd. Alles Große und Ungewöhnliche ift ftete ein Seind ber regelrechten funftmäßigen Uebereintunft und wirkt unbarmonisch. Es entsprach baber vollkommen bem hoftone und ben gesellschaftlichen Kormen jener Tage, daß man für Drama und Theater die ariftotelischen Runstregeln aufftellte, wodurch jedem Ueberschreiten der gefetimäßigen Schranten, jedem allzukuhnen Aufschwung ber Ginbildungefraft, jeder genialen Reuerung Thur und Thor verschloffen ward; wie im Leben die Freiheit burch die Regeln der Mode und Convenienz gebunden war, so sollte auch der dichterische Benius fich auf gemeffener Bahn fortbewegen. Und fo feben wir benn bas geistige Schaffen gang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ben übrigen Erscheinungen bes Tages, gang im Dienfte und nach bem Geschmade bes Sofes und ber ariftotratischen Befellicaft, gang in bem eleganten Gewande, in den festgesetzten Formen ber Parifer Belt auftreten. Mogen die großen bramatischen Dichter Corneille und Racine fur ihre Eragobien, Molière für feine Romobien die Stoffe aus dem Alterthum oder aus der fpanischen Sagen- und Buhnenwelt herholen, mag Boileau im horagischen Beifte bas Rullhorn ber Schmeichelei ausgießen ober mit Ironie und Big beimische Zeiterscheinungen behandeln; Alles nimmt eine frangofifche Gestalt und Farbung an, in allen Erzeugniffen fpiegelt fich bas monarchische Frankreich, spiegeln fich die Anschauungen, die Gedankenkreise, die Beschmaderichtungen ber Begenwart ab. Die gesammte Literatur und Runft ift ein tosmographisches Bild ber Parifer Gesellschaftsbildung. Selbst die Fabel tritt bei Lafontaine im Salongewande auf. Richt einmal in mythologischer bulle barf ber fanftmuthige fromme Fenelon ungeftraft bas Ideal eines Regenten zeichnen, bas bem Berfailler Muftertonig fo wenig entspricht. Aus ben tonangebenden Gefellichaftetreifen und mit Rudficht auf die barin berrichenden Grundfage und Lebensanschauungen schöpft Larochefoucauld ben Stoff für feine Magimen; ebendaher nimmt La Brupere die Beifpiele für feine Charaftere; in ben vornehmen Befellichaftetreisen hat Frau von Sevigne

Schwester burd ihre breiten Romane im falfden Gefdmad jener Beit fich einen Ramen und viele Rachahmer erworben, tadelnde Bemertungen gegen denfelben fchrieb, fand Corneille's Drama folden Beifall, bas er von bem frangfifden Bolte, bas fur Romantit und effectvolle Scenerie noch nicht allen Sinn abgestreift hatte, feitbem als erfter dramatischer Dichter bewundert ward. Die Literaturgeschichte ftellte den Sid an die Schwelle des "goldenen Beitalters", das im Anbruch begriffen war. Gehoben durch den Beifall ber Ration verfaste Corneille in den nachften Jahren die drei Dramen "die Boratiet", "Cinna", "Bolpeucte" und das dem spanischen Dichter Rojas (XI, 299) nachgebildete Luftspiel "der Lugner", welche für die ausgezeichnetsten Produkte feiner Mufe gelten und fic bis zur Stunde auf der Buhne erhalten haben. Benn auch die bandelnden Berfonlichteiten, in deren Conflict mit der Belt, mit den Geschiden, mit den gegebenen ober geschaffenen Situationen das dramatische Bathos besteht, weniger individuell entwickli find als in dem englischen oder deutschen Drama, mehr den typischen Charatter da spanischen Stude an fich tragen, so laffen fich doch gewiffe Beziehungen auf Beitintereffen, auf die herrschenden Ideen des Lebens, auf die Ansichten über Rönigthum, über höchste Gewalt, über religiöse und politische Tagesfragen nicht verkennen. In den Horatiern "ift es die Singebung für das Baterland por welcher jedes perfonliche und individuelle Berhaltniß verschwindet"; in Cinna "erscheinen die republitanischen Sturme und Bwiftigkeiten, aus denen gehäffige Leidenfcaften und blutige Creigniffe entspringen, im Gegenfat zu der Monarchie, die, nachdem fie einmal begrundet ift, teiner Gewaltfamteiten zur Sicherung ihrer Butunft bedarf und nur nach Berdienst belohnt und bestraft; die Fabel des Studs beruht auf dem Biderstreite der Rachsucht, welche die Rachkommen der Beflegten erfüllt, und der Milde, mit welcher der Fürst fie entwaffnet". driftlichen Trauerspiel Bolpeucte stellt der Dichter die flegreiche Macht und die Babrheit der driftlichen Ideen bor Augen und berührt die damals viel besprochenen Streitigkeiten über Gnade, Borherbeftimmung und Billensfreiheit. Mit diefen Studen, benen noch "Rodogune" und ber "Tod bes Pompejus" beigefügt werden durfen, erreichte Corneille den Sobepunkt feiner Runft. Die fpateren Productionen, worin er meiftens spanischen Originalien folgt, wie "Beraclius", wie "Sancho von Aragonien", wie "Ricomedes" zeugen von einer fruben Abnahme feiner Schöpferfraft; felbft feine "Andromeda", ein Schaufpiel mit eingestreuten Gefangen, worin er die Correctheit und Burbe bes tragifchen Stils mit ben Reigen eines Spectatelftude nach fpanifcher Art gu vereinigen fucte, vermochte bas Bolt nicht mehr zu begeiftern. Und als in Racine ein neues dramaturgifches Salent auftrat, fing man an den alternden Corneille zu vergeffen, obwohl er fortfuhr bis in fein fiebenzigstes Sahr fur Die Buhne thatig zu fein. Dennoch gilt Beter Corneille mit Recht als der Schöpfer der dramatifchen Poefie Frankreichs. allen seinen Studen, deren Bahl fich auf mehr als dreißig beläuft, rollt er eine Beit voll "großartig angeregter und energischer Raturen" bor uns auf. Er hatte ein feltenes Befühl für das Große der tragifchen Runft und ein chenfo feltenes Talent, energifche Charaftere die ftartfte Sprache der Leidenschaft mit Burde reden ju laffen. Gein Sinn war, "nicht allein durch Schreden und Mitleid, fondern auch durch Bewunderung ben ethischen 3wed ber Tragobie, die Reinigung ber Leibenichaften ju erreichen". Mus ben fritifchen Untersuchungen, die Corneille felbst seinen Theaterstuden beifugte, fo wie aus den drei Abhandlungen über die Tragodie, ertennt man, mit welcher Umficht und Ueberlegung, mit welchem Studium und Ernft er ju Berte ging, wie fehr er fich Dube gab, Composition , Sprache und Charafterzeichnung in Uebereinstimmung ju fegen. Aber man erfieht auch baraus, daß er weniger durch Genialitat als durch die Dacht der Kunft ju wirten suchte, weniger auf die angeborne poetifche Begabung und fcopferifche Phantafte als auf Befet und Regel, auf Methode und Reflegion Berth legte. "Die Empfinbungen und Leidenschaften, bemertt Bouterwet, geben in den meiften Stellen feiner Trauerspiele einen eben so abgemessenen Schritt, wie die Alexandriner, deren gewöhnlich zwei und zwei einen Gedanten einschließen". Bom griechischen und romifchen Alterthum hat er nur ben Stoff und ben Ramen entlehnt; aber weber die Charattere noch die Anlage und ber Bang ber Sandlung entsprechen ben griechischen Borbilbern. Das Klaffifche Rationaldrama, wie es Corneille in das frangofische Theater eingeführt hat, ift nur dem Schein nach antit, in Bahrheit ein Rind der auf romantischen Ideen und Anschauungen beruhenden Beitbilbung.

Mus Migverftandnig der ariftotelischen Boetit murde das Geset der drei Einheiten (Beit, Ort, Sandlung), wonach alle Momente ber tragischen Sandlung an bemselben Orte und in bem engen Beitraum eines Tages fich entfalten mußten, eigenfinnig feftgehalten, fo groß auch die Unwahrscheinlichkeiten waren, in die fich die Dichter dadurch verwidelten. Der Stoff murbe gewöhnlich ber griechischen und romischen Geschichte ober bem Oriente entnommen, aber bie Belben traten mit ber geinheit ber gebilbeten Belt und mit ben Sitten bes frangöfischen Gofes auf, eine Bermifchung bes Antiten und Mobernen, die bisweilen hochft munderlich erscheinen mußte; und ba ber Con und die Bildung der vornehmen Rreise in die Poefie übertragen murbe, so tonnte es nicht fehlen, daß ein taltes Bathos und hoble Declamation haufig an die Stelle ber Ratur und ber mahren Empfindung traten. Aber die Schonheit ber Form und Sprache, die Glatte ber Berfification, die tunftmäßige Anlage entzudten gang Europa und verschafften bem frangofischen Geschmade überall ben Sieg. Aus ben Alten fcopfte Corneille Die Lehre, "das die Rebenfachen nicht auf die Buhne gebracht werden muffen, um das Gemuth nicht zu gerftreuen. 3hm tam es nur barauf an, die großen Motive, welche die Begebenheit innerlich beleben, den Rampf amifchen Liebe und Chre, hervorzuheben, die großen Geftalten ber alten Romantit auf eine bem Sinne seiner Beit gemäße Beise zu vergegenwärtigen. Damit berührte er eine Bebensader feiner Beit." Go liegt im "Ricomebe" bie 3bee, "daß die Rationalfreibeit, bas oberfte aller Guter, bon bem Fürften um jeden Breis vertheidigt werden muffe", im "Tob bes Bompejus" bagegen tritt bie fcmade und verratherifde Gewalt eines kleinen Fürften und feiner Minifter, welche ihr Berfahren mit emporenden Grundfagen befconigen, um fo verachtlicher auf. "Rodogune" beruht auf der Leidenschaft, "welche ben Bwed bes Lebens in dem Befige ber Bemalt erblidt, alle burch bie Sitte gebotene Burudhaltung fprengt, aller Berhullung entfagt und bas innerfte Wefen bervortehrt; bis auch endlich bie, mit der fie ftreitet, fich bas Berg fast, au lieben und au haffen, und bem Sohne Rache gegen feine Mutter jum Preise ihrer Liebe fest. Es entfteben Situationen, welche ju ben graflichften geboren, die jemals auf der Bubne porgetommen find, aber eine Aber in dem nationalen Charafter und felbft in den Stimmungen ber Beit berühren." Ueberhaupt zeigen die Frauen Corneille's "die Mischung ehrgeiziger Theilnahme an ben öffentlichen Dingen und perfonlicher Leidenschaft, Liebe ober Rachsucht, wodurch feine Sandemanninnen nicht felten in die Geschichte eingegriffen haben". Buweilen erscheinen fie als Bertheidigerinnen der Rationalitat, wie Sophonisbe und die Fürftin in "Biriathe".

Bahrend Corneille vom hof wenig beachtet ein jurudgezogenes Leben führte, Jean Racinflieg ein glanzender Stern empor, ber echte Reprafentant bes golbenen Beitalters Ludwigs XIV. in der bramatischen Poeffe — Bean Racine, Der Sohn eines tonig-lichen Salzberwalters aus einem Städtchen in Isle-de-france. Rachdem er auf der gelehrten Schule von Beauvais fich gute Renntniffe in der Sprache und Literatur des Alterthums erworben, widmete er fich frubzeitig ber Poefie. Sein Genius ließ ihn rasch ben Beg ertennen, der jum Biele führte : ein Lobgebicht voll überfcwenglicher Liraden, worin die Gottin des Ruhmes die Mufen aufruft , ihren himmlifchen Bohnfig zu verlaffen und fich an den hof zu begeben, um den großen Ludwig zu bewundern, erwarb ihm die Gunft bes Ronigs und einen Jahresgehalt. Dant feinem gewandten Benchmen,

feinem gefälligen Meußern und feinen feinen Manieren ift diefe Gunft des Sofes und des Ronigs mit der Beit ficts gewachsen. Bald wurde Racine burch feine poetischen Leiftungen auch der Liebling der Stadt Baris und der Ration. Reben ihm trat Corneille mehr und mehr in Bergeffenheit, obwohl die beiden erften Stude Racines: "die feind. lichen Bruber" und "Alegander" noch febr an den altern Reifter erinnerten. An Rraft und Charafterschilderung dem Dichter der Rormandie nachstebend ift Racine in formaler Bollendung der dramatifchen Boefie weit über ihn hinausgeschritten. Die Schonheit und feierliche Burde ber Sprache und Diction, die Clegang der Darftellung, die Glatte des Bersbaues und der gleichmäßige Fluß der Rede, wie fie bereits in der "Andromade" und in "Britannicus" hervortraten, waren fo hervorragende und eigenthumliche Borguge, daß fie verbunden mit der harmonifchen Bufammenfetung und Rlarheit der Anlage und der tunftmäßigen Entwidelung der handlung einen ergreis fenden Gindrud machen mußten. Die Frauencharaftere find fanfter und weiblicher als bei Corneille und felbft in fturmifchen Situationen ruhiger. "Corneille's Große und Drang und Racine's Abel und Anmuth find die Ibeale gewesen, beren Berwirflichung das frangofifche Befen nachgeftrebt bat".

Racine wählte faft ausschlieblich griechifche und romifche Stoffe, aber feine Beiben und Gelbinnen find Abbilber ber frangofifchen Gerren und Damen ber hoben Gefellichaft. 3m "Britannicus" ift bie Schilberung bes verfeinerten, von Sude und Ranten umftridten römischen hofs zu Rero's Beit besonbers intereffant und gelungen, weil die ahnlichen Buftanbe bes frangofischen hofes unter Lubwig XIV. bem Dichter babei vor ber Geele ftanben, wat feinem Gemalbe garbe und Beben gibt. Denn "ein unbebingtes, rudfichtslofes Ergreifen und Wiedergeben des Gegenstandes wurde nur da recht durchführbar, wo das gesellschaftliche Leben felbft denfelben bildete". In ber "Berenice", einem tunftvoll angelegten Tenuerspiel mit regelmäßig fortschreitender Gandlung in einer Reihe intereffanter Situationen, ift eine feine Schmeichelet auf Lubwigs erfte Geliebte nicht ju vertennen. Das von ber Bergogin von Orleans ben beiden berühmten Dichtern gur Bearbeitung gegebene Gujet biefes Studes bilbet bie Refignation eines großen gurften, bes Raifers Titus, auf eine leibenfchaftliche Buneigung. Corneille legte nun ben meiften Rachbrud auf die politischen und nationalen Motive, indes Racine den innern Streit mehr als Segenfas zwifchen Bernunft und Pflicht auffaste und bas hauptge wicht auf die Bewegungen und Sturme ber Seele bei ber Rothwendigkeit einer Trennung legte. 3m "Mithribates" entwidelte Racine eine richtige Renntnis bes Alterthums, nur ift bier Die Anficht, daß in jedem Stude ein Liebesverhaltnis vortommen muffe, befonders übel angewandt. Bon ber "3phigenia" und "Bhabra" behaupten bie frangofifchen Rrititer, befondere Labarpe, daß fie ben Studen bes Curipibes, Die jenen als Borbitber bienten, borgugieben feien : hinfichtlich der Anlage mögen fle vielleicht Recht haben, aber die träftigen Buge und das echte Colorit bes Alterthums, wie fie fich in Curipibes bei allen Mangelu noch finden, fehlen ber pomphaften und conventionellen Boefie ber Frangofen ganglich. In beiben hatte Bacine ben Sobepunkt seiner bichterischen Ausbildung erreicht, als Frau von Maintenon in eine Ert Bietismus verfant und an der weltlichen Dichttunft Anftog nahm. Gie beredete baber Racine ju ben beiden letten Dramen biblifchen Inhalte : "Efther" und "Athalie", wovon jeues fur die unter dem Schut ber Frau ban Maintenon ftebende weibliche Erziehungsanftalt von St. Cor bestimmt war, das lettere, mit Choren ausgestattete herrliche Trauerspiel erft nach des Dichters Tod gur Aufführung tam. In beiden Studen wollte man politische Tendengen ertennen, bas erfte follte den Sturg des machtigen Minifters Louvois, der unter Damans Ramen verfiedt war, bezwedt haben, bas zweite follte gegen Wilhelm III. gerichtet gewesen fein und die Berherrlichung des jungen Sohnes Jacobs II. im Auge gehabt haben. Auch im Luftspiel und in ber Lyrik hat fich Racine versucht: seine "Plaideure" oder Prozeflustigen, eine Rachahmung

ber Befpen des Ariftophanes find mit Beifall aufgeführt worben; bagegen fteben seine Dben und Epigramme feinen dramatifden Berten und auch feinen profaifden Schriften, befonbere feinen eleganten Briefen nach.

Gleichzeitig mit Racine brachte Sean Bapt. Poquelin genannt Molière aus Molière. Baris das frangöfische Luftspiel zur Bollendung. Molière, Sohn eines königlichen Rammerdieners, mar, nachdem er eine miffenschaftliche Erziehung genoffen, querft Director einer wandernden Schauspielertruppe, bis ihm die Leitung und Anordnung der toniglichen Buhne übertragen wurde. In diefer Stellung wirtte er viele Jahre lang mit unermudlicher Thatigleit als Dichter und Schauspieler, mohlgelitten bei Bofe, fur beffen Unterhaltung bei festlichen Gelegenheiten er befliffen mar, beliebt bei dem Bolte, für das er feine leiche teren Stude verfaßte, gcachtet wegen scines rechtschaffenen freimuthigen Charafters und nur in feinem hauslichen Blud geftort burch ben Leichtfinn feiner grau, einer Schau-Molière verband mit der Renntnis des antilen Dramas und der fpanischen Bubne tiefe Menfchenkenninis und ein bolltommenes Berftandnis feiner Beit mit allen ihren Gebrechen und Schmachen. Sorgfalt bei der Ausgrbeitung und Gewandtheit und Leichtigkeit im Berfemachen gaben seinen Dichtungen eine bobe Bollendung und Glatte der gorm, feinem Dialog die echt frangofische Grazie. Er dichtete mit berfelben Beichtigkeit eine genialische Boffe, wie bas feinfte burchbachtefte Charafterftud und wenn er auch hie und da die tomischen Farben ftart auftrug, so blieb er doch selbst in den freiesten Spielen bes Muthwillens ein correcter Dichter, und über bem Studium bes Plautus und Terenz hat er nie die Ratur und das wirkliche Leben aus dem Auge verloren.

Unter Molières Dramen muß man die fchnell entworfenen Gelegenheitsflude (wie la princesse d'Elide, l'amour médecin und selbst les fâcheux) von den ausgearbeiteten und flaffifchen Studen unterscheiden. In diefen mußte er geschicht die antite Charaftertomodie und ihr moralisches Biel mit ben spanischen Intriguenftuden, in denen die Anlage, die Berwidelung des Anotens und der Begebenheit die Sauptfache ift, ju verbinden. Unter feinen fünfunddreißig Romodien beben wir hervor : die Affectirten (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worin die damals herrschende Biererei und Sentimentalität, die Affectation bes Geschmads, Alles geiftreich und originell fagen ju wollen, und die gezwungene Complimentensucht dem Spotte preisgegeben wird; die Schule der Manner und die Soule der Frauen, worin die Refultate einer vertehrten Behandlung der Frauen dargestellt werden, gehören nach Anlage, Charafterzeichnung und Sprache ju feinen gelungenften Studen; in der bramatifchen Boffe "Rritit ber Shule ber Frauen" machte er bie albernen Beurtheilungen Diefes Dramas lächerlich. Der Menfchenfeind (misanthrope) ift durch den Streit Rouffeau's und d'Alemberte über die Errichtung eines Theaters in Genf berühmt geworden, wobei jener das Stud einseitig fophiftifc tadelte und diefer es eben fo einseitig fophiftifc vertheidigte. Das Romifche und Lächerliche eines tactlofen Bahrheitsfreundes in einer unmahren Belt und eines ungeschidten Bertheidigers mahrer Enwfindung im gewöhnlichen Bertebr bes Lebens ift freilich für das größere Bublitum ju fein. 11m dager das Bolt nicht leer ausgehen zu laffen, verfaste Molière von Beit zu Beit Boffen und Rationalfarcen zur Beluftigung der Menge. Dabin geboren : Der Argt wider Billen, der Burgeredelmann, Georg Dandin, Sganarelle, Scapins Schelmenstreiche, der eingebildete Krante, deffen Darftellung auf der Buhne dem franten Dichter felbft den Lob brachte, u. a. Rachdem Molière noch in dem nicht im gewöhnlichen alegandrinischen Bersmaße, sondern in ungebundener Rebe verfaßten Charafterftud : der Geigige und in den "gelehrten Frauen" Bebrechen seiner Beit gegeißelt, bearbeitete er das vollendetfte feiner Stude, den Lar.

tuffe, worin er das fcheinheilige Treiben der Frommler und Bietiften, die unter der Maste der Religion eigennütige und weltliche Abfichten und finnliche Begierden berbergen, auf eine fo anschauliche Beife barftellte, daß in den hobern Rreifen , wo folche Beuchelei damals häufig vorhanden war, ein heftiger Sturm gegen bas Stud erhoben wurde und es nur felten jur Aufführung tam.

Seit Corneille, Racine und Molière war das Drama die Lieblingsgattung der frangofischen Boefie; Tragodien und Romobien entstanden in Menge, geriethen aber bald in Bergeffenheit. Im Trauerfpiel vermochten nur wenige Rachahmer Corneilles, wie beffen Bruder Thomas Corneille und ber altere Crebillon fich auf ber Buhne zu erhalten. Der erftere trat mit ber Eragobie "Graf Effer" in die Fußftapfen bes Meifters, ber lettere führte in mehreren bramatifchen Behandlungen alterthumlicher Stoffe (Idomeneus, bas Triumvirat) ben Genius des Beitalters Ludwigs XIV. unberandert in das achtzehnte Sahrhundert hinein, nur daß er durch übertriebenes Bathos und durch seine Borliebe fur Scenen des Schredens und der Leidenschaften die Maffifche Rube feiner Borganger trubte. Roch großer war die Productivitat in ber Luftspidpoefie, aber auch noch größer ber Abstand ber fpateren Romiter von Molière. Bu ben talentvollften gehort der geiftreiche Abenteurer Jean François Regnard, befannt burch fein Sclavenleben in Algier , durch feine Reifen über Land und Meer und durch Regnard feine wunderbaren Lebensfchidfale. Aber felbft in feinen Charafters, und Intriguens ftuden tonnen wipige Ginfalle und tomifche Situationen ben Mangel an Tiefe und Menfchentenntnis, die Molière in fo hohem Grade befag, nicht erfegen. Der "Spieler"

> und der "Universalerbe" find unter feinen Studen am mertwurdigften , jenes , weil er darin fich und fein eigenes gerriffenes Leben darftellt, diefes als Sittenspiegel der Beit. Reben Regnard haben fich bie Conversationsftude von Rivière Dufresny, Beichner und Gartenfünftler unter Ludwig XIV. und die Romodien der Schauspieler Legrand

("Jedermanns Freund") und Baron ("die Coquette") am langften auf der Bubne ethalten. Baron folgte den Spuren Molières, mabrend Legrand fein nicht gewöhnliches Talent burch die hinneigung jum Gemeinen und Uebertriebenen oft berbuntelte , wogegen der feine Menfchenkenner und Charatterzeichner Destouches mehr ben moralischen 3wed des Drama ins Auge fassend, einen rührenden sentimentalen Con in die Romödie eingeführt hat. — Ein Menschenalter nach Racine und Molière hat der geiftreiche, vielseitige Boltaire, deffen weltgeschichtliche Stellung in der Literatur und im gefammten Beiftesleben in der Folge eingehender behandelt werden wird, auch der Buhne Boltaire feine Aufmertfamteit und feine geber augewandt. Er erreichte aber weber in ber Eragodie, noch in der Romodie feine Borganger. Seine Lebhaftigleit und Flüchtigleit binderte ihn an einer forgfältigen Ausarbeitung, mas eine mindere Bollendung der gorm gur Folge hatte, und der Mangel eines tiefern religiofen Gemuthe und ernfter fittlicher Grundfage benahm feinen Tragobien die Gediegenheit und Burbe ber altern. "Rit Bergnügen wirft seine Muse das tragische Gewand von fich ab und erscheint mit frivoler Geberde auf dem Martt, wo ein vornehmer ober niedriger Bobel an dem Gemeis nen seine Freude hat". Seift , Big und Talent , die Boltaire in hohem Grade besaß. waren nicht vermögend, diefen Mangel zu deden, fo febr auch feine Citelleit ihn glauben machte, daß diefe Eigenschaften jur Ueberwindung aller Schwierigkeiten binreichten. -In Baire und Alzire fuchte Boltaire burch driftliche Befinnung ju rubren, obwohl er fein Leben lang bas Chriftenthum betampfte; im Debipus, Brutus und Cafars Tod fteht er an Renntnif der Geschichte und Buftande bes Alterthums weit hinter Corneille und Racine jurud; in der Merope fuchte er bie Majeftat bes griechifden Drama ohne Beigiehung der romantischen Liebe zu erneuern ; im Mahomet wollte er die Ge-

fahren des Kanatismus, oder vielinehr des Glaubens an irgend eine Offenbarung foildern, entstellte aber auf fonode Art einen großen geschichtlichen Charafter.

Bei dem hohen Intereffe des hofes und der Bartfer Gefellichaft für das Theater- Quinault 1834—1688. wefen tonnte es nicht fehlen, daß man auch die mufitalische Aunstproduction für die Buhne ju verwerthen fuchte. Bir werden ber Ausbildung ber Oper, beren Unfange im elften Bande d. 28. erwähnt find (S. 775), an einem andern Orte gedenten. Die Aufführung italienischer Singspiele burch eine florentiner Sanger- und Schauspielergefellicaft, die Magarin nach Paris berufen, gab Beranlaffung gur Grundung ber "toniglichen mufitalischen Atademie", aus welcher die große oder heroische frangofische Oper hervorging, bei beren Entwidelung der florentiner Tonfeter Lulli und ber frangofifche Theaterdichter Phil. Quinault ihre Talente vereinigten.

#### 3. Zoilean. Cafontaine. Senelon.

Die lyrifche Poefie, in der früheren Cpoche die am meiften gepflegte Dichtgattung, nahm teinen fo glanzenden Auffcwung als die dramatifche. Beder Die Lieder, Sonette und andere fleinere Gedichte des Hofpoeten Sfaac de Benferade, bem über zwanzig + 1690. Jahre bas Amt oblag, die Ballette und Jeftivitaten bes Bofes mit Berfen ju berfconern; noch die jum Theil wisigen und geiftreichen aber auch leichtfertigen Gelegenbeitsgedichte und Epifteln ber genialen Benugmenfchen aus bem Gefellichaftetreife ber Rinon de l'Enclos, ber neuen Afpafia, eines Chapelle, Bachaumont, Chaulieu u. a. haben eine nachhaltige Birtung, einen bedeutenden Ginfluß gehabt. Es waren poetifche Erzeugniffe bes Tages im Tone und in den gewandten Formen ber gefellicaftlichen Beitbildung, des frangofifchen Esprit. Auch fur bie Birtenpocfie, fur bie butolifden Empfindungsgemalbe einer Madame Deshoulières und für bie Idulen eines Fontenelle, die fich ehebem in ber romanischen Belt einer fo großen Borliebe erfreuten, hatte das damalige Gefchlecht das Interesse verloren. Erft Ricolas Boileau Despréaug, der Borag ber Frangofen hob auch die Lyrit und die andern Boileau Dichtungsarten auf die Bobe ber bramatifden Boefie und wurde neben Racine, mit bem er febr befreundet mar, ber eigentliche Reprafentant ber bichterischen und fprachlichen Formbollendung bes Beitalters bes großen Ludwig. Sohn eines Rechtsgelehrten in Paris widmete fic Boileau gleichfalls diefem Studium, ging dann jur Theologie über, fo wenig fein Beltfinn fur ben geiftlichen Stand paste und mablte endlich Dichtfunft und icone Literatur als Lebensberuf. Er gewann bald die Gunft des Ronigs, der ihm einen Jahrgehalt aussetzte und ihn neben Racine jum Sofhistoriographen ernannte. Boileau's Daupiverbienft beftand in ber vollenbetften Ausbildung der frangofifchen Sprache und des Stils, fo daß er als Gefetgeber der poetifchen Formen und des Gefcmade angefeben warb. Phantafie befaß er wenig, aber einen offenen Blid und ein gefundes Urtheil fur alle Erscheinungen im Leben wie in der Runft; und Riemand verftand es beffer, die Resultate seiner icharfen Beobachtungsgabe mit Big und Berftand in eleganten Berfen vorzutragen. "Saft unempfänglich für die boberen Reize ber Poefic, die aus dem Innerften der Seele entspringen und jum enthuftaftifchen Mitgefühl binreißen, hatte er ben feinften Satt fur bas Richtige und Schidliche und fur die mabre Barmonie ber Gebanten und bes Ausbrucks". Sein bebeutenftes Bert find feine Satiren. worin er mit Freimuthigkeit die Beuchelei und Anmagung ber Jefuiten, die burch ihr Sournal de Treboug ben frangofischen Gefdmad bilden und letten wollten, die Erbarmlichfeiten ber gablreichen Dichterlinge und bie Gebrechen feiner Beit guchtigt, amifchen ber ichergenden Beiterfeit ber Boragifden und bem ftrafenden Ernft ber jubenalifden

tuffe, worin er das fcheinheilige Treiben der Frommler und Pietiften, die unter ber Raste ber Religion eigennüßige und weltliche Abfichten und finnliche Begierben berbergen, auf eine fo anschauliche Beife darftellte, daß in den hobern Rreifen , wo folde Beuchelei bamals haufig vorhanden mar, ein heftiger Sturm gegen bas Stud erhoben murde und es nur felten jur Aufführung tam.

Seit Corneille, Racine und Molière war das Drama die Lieblingsgattung der frangofifchen Boefie; Eragobien und Romobien entftanden in Menge, geriethen aber bald in Bergeffenheit. Im Trauerfpiel vermochten nur wenige Rachahmer Corneilles, wie beffen Bruder Thomas Corneille und ber altere Crebillon fic auf ber Buhne ju erhalten. Der erftere trat mit der Tragodie "Graf Effer" in die Fußstapfen bes Meifters, ber lettere führte in mehreren dramatifchen Behandlungen alterthumlicher Stoffe (Idomeneus, das Triumvirat) ben Genius des Beitalters Ludwigs XIV. unberandert in das achtzehnte Jahrhundert hinein, nur daß er durch übertriebenes Bathos und durch seine Borliebe fur Scenen bes Schredens und der Leidenschaften die Kaffifche Rube feiner Borganger trubte. Roch größer war die Productivitat in der Luftspiele poefie, aber auch noch größer ber Abstand ber fpateren Romiter von Molière. Bu ben talentvollsten gehört ber geistreiche Abenteurer Jean François Regnard, befannt burch fein Sclavenleben in Algier , durch feine Reifen über Land und Meer und durch Begnarb feine munderbaren Lebensschidfale. Aber felbft in feinen Charatter- und Intriguenftuden konnen wisige Einfalle und tomifche Situationen ben Mangel an Tiefe und Menschenkenntniß, die Molière in fo hohem Grade befaß, nicht erseben. Der "Spieler" und der "Universalerbe" find unter seinen Studen am mertwurdigften, jenes, weil er darin fich und fein eigenes zerriffenes Leben darftellt, diefes als Sittenspiegel ber Beit. Reben Regnard haben fich die Conversationsftude von Rivière Dufresny, Beidner und Sartenfünftler unter Ludwig XIV. und die Romodien ber Schauspieler Legrand ("Bebermanns Freund") und Baron ("die Coquette") am langften auf ber Buhne ethalten. Baron folgte den Spuren Molières, mahrend Legrand fein nicht gewöhnliches Talent burch die hinneigung jum Gemeinen und Uebertriebenen oft verdunkelte, mogegen der feine Menfchentenner und Charafterzeichner Destouches mehr ben moralifden Bred des Drama ins Auge faffend, einen rührenden fentimentalen Con in die Romödie eingeführt hat. — Ein Menschenalter nach Racine und Molière hat der geistreiche, vielfeitige Boltaire, beffen weltgeschichtliche Stellung in ber Literatur und im gesammten Beistesleben in der Folge eingehender behandelt werden wird, auch der Buhnt Boltaire feine Aufmertfamteit und feine geber zugewandt. Er erreichte aber weder in ber Eras godie, noch in ber Romodie feine Borganger. Seine Lebhaftigkeit und Flüchtigkeit binderte ihn an einer forgfältigen Ausarbeitung, was eine mindere Bollendung der Form gur Folge hatte, und der Mangel eines tiefern religiofen Gemuthe und ernfter fittlicher Grundfage benahm feinen Tragodien die Gediegenheit und Burbe ber altern. "Rit Bergnügen wirft seine Ruse bas tragische Gewand von fich ab und erscheint mit sie voler Geberde auf bem Martt, wo ein vornehmer oder niedriger Bobel an dem Gemeis nen seine Freude hat". Beift , Big und Lalent , die Boltaire in hohem Grade besaf. waren nicht vermögend, diesen Mangel zu deden, fo fehr auch seine Eitelkeit ihn glauben machte, daß diefe Eigenschaften gur Ueberwindung aller Schwierigkeiten hinreichten. -In Baire und Alzire fuchte Boltaire burch driftliche Gefinnung zu ruhren, obwohl a fein Leben lang das Chriftenthum betampfte; im Dedipus, Brutus und Cafars Tod fteht er an Renntnis der Geschichte und Bustande bes Alterthums weit hinter Corneille und Racine jurud; in ber Merope fucte er bie Majeftat bes griechifden Drama ohne Beigiehung der romantifden Liebe ju erneuern ; im Da homet wollte er die Ge-

"Alarico ober bas beffegte Rom" fich ber Sowedentonigin Christine empfehlen wollte. und det Jesuitenpater Lemoine, ber "ben beiligen Ludwig ober die Biebereroberung ber beil. Rrone" jum Gegenftand einer Epopoe machte, welche allenthalben bie Rachahmung Taffo's ertennen last. Erft Boltaire brachte burch feine Benriade auch bie epifche Dichtung nach ber Meinung ber Frangofen zur Bollenbung. Aber bie biftorifc treue Schilberung eines Burgerfriegs in wohllautenben Alexandrinern mit allegorifden Figuren ift von einem echten Belbengebicht noch fehr weit entfernt. Degegen murbe eine Dem Spos verwandte Sattung, ber Roman eifrig gepflegt und in verfciedene Formen ge- Roman. bracht: So hat Gautier bes Coftes be la Calprenede aus ber Sascogne, ein Mann bon Dichterifden Anlagen und fublandifder Phantafie und Beredfamteit, Begebenheiten aus ber Gefchichte bes Alterthums im Geifte und in ber Manier ber alteren Ritterromane aber im Spiegel ber Segenwart in redfeliger Breite bargeftellt; in feine Fustapfen trat Die foon ermahnte Madeleine be Scubery mit fieben banbereichen Romanen. ging man jedoch bon biefen antitromantifden Darftellungen in allgu gebehnter Musführlichkeit über zu ben hiftorifden Romanen, Rovellen und Gofgeschichten, worin man Berfonen und Buftande der Gegenwart oder jungften Bergangenheit jum Gegenstand ber ergablenden Darftellung mablte, bald mehr in freier Erfindung, wie die Damen La Force und Billedieu in ihren geschichtlichen Romanen, ober wie Roger be Rabutin, Graf von Buffy in feinen unguchtigen "Gallifchen Liebesgeschichten" einer Art feanbalofer Chronit aus der vornehmen Belt; bald in der gorm von angeblichen Memoiren, Dichtung und Bahrheit verbindend wie die Grafin von La fa pette in ihrer "Gefdichte der gafavette Bergogin von Orleans", in ihren Dentwurdigfeiten über ben frangofifchen Gof, in ihrer "Pringeffin von Cleves". Rur in bem fconen Buch "Baibe", bem trefflichften hiftoris fchen Roman der Beit, ift die bochgebilbete Grafin mehr ihrer eigenen Erfindungsgabe gefolgt. Bebeutender find die Leiftungen ber Frangofen im tomifchen Roman, wobei ihnen die fpanifchen Dichter jum Borbild bienten. Der uns als Gemahl der Frau von Maintenon bereits bekannte Paul Scarron, der trop feines gichtbrüchigen gebrechlichen Scarron Rorpers nie seinen Bis und humor verlor und in der burleten Poefie fich einen berühmten Ramen erworben, bat außer feinen Luftspielen auch einen "tomifchen Roman" und eine "traveftirte Meneide" verfaßt, muftergultig burd Big und Sprachgewandtheit. Den größten Ruhm aber in ber Gattung bes den Spaniern entlehnten tomifchen Romans erlangte Rene Lef age aus der Bretagne, ber fich auch um die Ginführung der Befage fpanifcen Intriguenftude auf die frangofifche Bubne und um bie Ausbildung ber tomis ichen Oper verdient gemacht bat. Die "Geschichte bes Gil Blas von Santillana" ift wegen ber Maffiden Darftellung und feffelnden Diction faft fo verbreitet und berühmt geworden wie der Don Quigote von Cervantes, und der "hintende Teufel" erreate arobes Intereffe burd bie gabireichen Anfpielungen auf Benfonen, Buftanbe und Gefchichten von Paris zu jener Beit.

Bur epifchen Dichtung gebort auch bas mertwurdige, in poetifcher Profa ge- Benelon fdriebene Buch bes uns bereits befannten Bifchofs Fenelon, Die Abenteuer Telemachs, ein Bert bon eblem Geift und freifinnigen politifchen Grundfaben, das eine folde Berbreitung erlangte, daß es in alle europaifden Sprachen überfest worben ift und nachft ber Bibel und ber Rachfolge Chrifti bie meiften Auflagen erlebt Beneton, ein edler Mann bon milbem Charafter und driftlicher Gefinnung und Tugend, mar Erzieher ber toniglichen Entel und fchrieb biefes an homers Donffee fic anschließenbe Bert in ber Abficht, bem Erben bes Thrones Die Pflichten eines Regenten anschaulich zu machen und ihn bor ben Brewegen zu bewahren, auf welche Ludwig durch feine Berefchsucht, feine Ruhmbegierde und feine Rriegeliebe geführt worben. "Dem friegerifchen, verfolgenden, prächtigen, abfoluten Konigthum Ludwigs XIV.

fehte er ein friedliches, tolerantes, den Gefehen unterworfenes, auf die Körderung eines unschuldigen, einfachen Bollslebens gerichtetes entgegen, bas offenbar bas 3beal feines Boglings, bes Bergogs von Bourgogne fein follte." Rie bat ber Ergieber eines Furften fein Amt mit fo großem Gifer, fo tlarem Blid und mit fo feter Rudficht auf das Land. dem der Bögling angehörte, verwaltet. Da die in dem mothologischen Roman "Telemach" aufgestellten Grundfage burch den grellen Contraft mit der Regierung Ludwigs XIV. als eine Satire auf die lettere gelten tonnten und man hie und da Anspielungen zu finden glaubte, fo berbot ber von dem neibischen Boffuet gegen Fencion aufgereigte Ronig nicht nur den bereits begonnenen Drud diefes "Regentenfpiegels" fonbern belegte auch den Bifchof, mit deffen myftifch-religiöfen Anfichten er überdies ungufrieden war, mit seiner Ungnade. Erft nach Ludwigs Tod wurde das Sange vollftanbig gebrud und jugleich die mertwürdige Abhandlung (.. Anweisungen für das Gewiffen eines Ronigs") beigefügt, in der Zenelon aus den Lehren des Christenthums die Grundfage einer von Rathen aus dem Bolte umgebenen conftitutionellen Monarchie ableitete, die regelmäßige Sinberufung ber Generalstande empfahl und die Berwaltung des Staates nach feften Gefegen gur Gemiffensfache ber Regenten machte. Richt in ber Große und bem Glange eines Reiches, fondern in der Boblfahrt der Angehörigen deffelben fieht er die Aufgabe der Staatsverwaltung. Die jur Bergroßerung des Reiches oder fur den Rubm eines gurften geführten Rriege werden in ben Schriften genelons auf das Enticiedenfte Alle Staaten gehoren nach ihm einer einzigen großen Benoffenschaft, bem menfolichen Gefchlechte an, deinnach find alle Rriege nur Burgertriege. Bei ihm findet fich querft die fcone Idee der Philanthropie flar ausgesprocen. "Genelon wurde et vorziehen, wenn die Macht niemals mit der Religion in Berbindung gerathen ware ; in ihm erscheint die individuelle Religion, auf ein unmittelbares Berhaltniß der geiftlichen Spiritualität zu ihrem göttlichen Urquell, die fich nur vor Abwegen zu huten hat, gegrundet, bon ber 3dee des menschlichen Beschlechts burchbrungen; feine Sprache ftrebt nach ber Leichtigkeit und Anmuth, die das Ideal bes achtzehnten Sahrhunderts bildet." Die gehaltene fanfte Burde des Stile harmonirt vortrefflich mit dem Inhalte des Berts. wobei die didattifche Tendeng den beroifden Geift gurudbrangte. Durch die gehobene Sprache in ungebundener Rede tritt das Buch seinem moralischen 3wed naber. Bon demfelben Geifte edler Sittlichkeit und Menschenliebe find auch die übrigen Schriften Kenelons durchweht, sein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Dasein Gottes" und seine Abhandlung "über die Erziehung ber Tochter". Die "Todtengefprache, oder Dialoge großer Manner im Cipfium", der form aber nicht dem Geifte nach eine Rachahmung der Lucianifden Gefprace (IV. 308), find lebrreiche Refferionen in bialogifcher gorm religiofen und moralischen Inhalts.

#### 4. Die Prosaliteratur.

Bir haben erwähnt, daß die französische Alademie die schönsten Früchte ihrer Thätigkeit in der Ausbildung einer correcten und eleganten Schrist- und Umgangssprache erntete. Richt nur die poetischen Arbeiten in gebundener und ungebundener Redesorm geben Zeugnis von dem hohen Ausschied in den die französische Sprache und Diction durch den lebhasten Betteiser der Dichter und Schristeller in diesen regsamen und bewegten Zeiten Ludwigs XIV. genommen hat, auch die wissenschaftlichen Berke philosophischen oder religiösen Inhalts, auch die Reden und rhetorischen Schristen, auch die Seschieden und Resessenschaftlichen Berkespielen in Briefform erlangten eine formale Bollendung, die mit der Gesamntbildung des Jahrhunderts sich auf gleicher Höhe hielt. Descartes hat nicht blos in dem philosophischen Wissen, sondern auch in der sprachlichen Darstellung der philosophischen Sedanten und

Forfchungen eine neue Acra begrundet. Bor Allem war, wie wir fruber gefehen, der Sanfenismus die bobe Bflangioule und Bertftatte ber Brofaliteratur; aus bem Bortroyal gingen die vornehmen Beifter bervor, welche die nach Form und Inhalt vortrefflichen Berte gefchaffen baben, bie ben damaligen und ben nachfolgenben Gefchlechtern als Mufter ber Sprache und bes Still galten.

An ihrer Spipe fteht Blaife Pascal, der uns icon fruber (G. 409) als der Bascal Biderfacher der Sefutten befannt geworden ift. Bascal, einer der bedeutenoften Mathematiter und Phyfiter, der die Bahricheinlichkeitsrechnung erfunden und durch feine Untersuchungen auf dem Gebiete ber Phyfit und Mcchanit fich in den Raturwiffenschaften eine hervorragende Stelle erworben hat, dem manche fogar die Prioritat der Entbedung bes Gravitationsgesetes auschreiben wollten, buibigte Anfange ber Stepfis bes Bopularphilofophen Montaigne, des geiftreichen Edelmanns aus Berigord und Maire's bon Borbeaux, ber in feinen "Effans" ben Glauben ber Menfchen an alle geltenden Dogmen, an alle bestehenden Sitten ber Gefellichaft, an alle Einrichtungen des Staats erfcutterte und wie fein Borbild Gora; in bem naturgemagen Genuffe Die einzige Lebensweisheit ertannte. Aber Bascal beharrte nicht auf dem negativen Standpuntt: bon der troftlofen Lehre des Philosophen, daß alles Erlennen unficher und begrenzt fei, fich abwerdend unterwarf er fein Urtheil in Glaubensfachen der Entscheidung der Rirche, flüchtete fich in die driftliche Myftit und überwand die Anfage zum Cpicureismus durch Ascetit. Sein Biel war, die Ergebniffe ber Biffenfchaft und die Bedürfniffe des Gemuths in eine befreundete Stellung zu einander zu feten. Befeelt von ftrenger Bahrheitsliebe, von aufrichtiger religiofer Frommigteit und ernftlicher Sittlidfeit nabm Bascal Anftob an der ichlaffen Moral des ben menschlichen Schmachheiten und Reigungen allzu fehr Rechnung tragenden Ordens und richtete unter dem Ramen Montalto gegen die Bater Sefu jene "Provinzialbriefe", Die bis auf ben heutigen Sag wegen des vortrefflichen Stils, der feinen Ironie, des wißigen und gewandten Bortrages und der ichlagenden Beweisführung als ein Rufter flaffifcher Bolemit gelten. 3m Sone gutmuthiger Ginfalt bedt er die Geheimniffe bes ichlauberechnenden Ordens auf und mit eblem Ernft beleuchtet und verspottet er die Casuistit und die fittenverderbenden Lehren der Junger Lovola's. Diefe lettres provinciales, der natürliche und ungesuchte Ausdruck eines aufrichtigen, auf die Gnade Gottes bauenden Gemuthes, mit der gangen Anmuth und Correctheit eines feingebildeten logisch bentenden Mannes vorgetragen, haben der Gesellschaft Besu eine Bunde geschlagen, die teine Sophistit, teine Berdammung zu heilen vermochte. "Alle Gedanten find fo flar entwidelt, der Ausbrudt ift in jeder Beile fo naturlich und beftimmt, der gerechte Spott so treffend, und die gange Manier hat bei aller Bitterkeit der Ironte einen fo hinreißenden Charafter der Bahrheit, daß die Befuiten fich fcamen mußten, wenn fie fich in diefem Spiegel erblickten". - Bon ber Bolemit gegen die jesuitische Entstellung ber driftlichen Religionslehren flieg Bascal zum "Apologeten des Christenthums" auf. Bahrend er in den Briefen aus der Proving der Bahrheit, Bernunft und Moral ihr Recht und ihre Stellung anwies, fuchte er zugleich die Rothwenbigfeit und die Berechtigung bes Glaubens barzuthum. Allein bas große Wert, worin er im Gegenfas zu Cartefius bie Ungulanglichteit ber Bernunft zur Grienntniß ber les. ten Grunde und Urfachen ber Dinge und bie Rothwendigkeit einer gottlichen Offenbarung und mithin die Babrheit ber driftlichen Religion philosophisch barguftellen suchte, blieb unvollendet. "Ihm jufolge find nur zwei Philosophien möglich : bie eine des Aweifels, welche von Gott entfernt; die andere, welche in den Menschen die Kraft voraussest, zu wiffen , fich zu Gott zu erheben". Er findet , daß diefe beiden Syfteme einander ewig befampfen, einander gerreiben, gerftoren, eben baburch aber die Religion hervorrufen und dem Evangelium Plat machen. Doch fieht er die religiofe Offenbas

rung , ber er fich zuwendet, nicht in ber firchlichen Rechtglaubigfeit. Das unter bem Litel "Gedanken" (pensées) nach seinem Lode von seinen Freunden herausgegebene geiftreiche Bud, theils theologifchen, theils fleptifch-philosophifchen Inhalts enthalt nur Bruchftude diefes großen Bectes, woraus jene absichtlich Alles entfernten, was dem neugeschloffenen "Rirchenfrieden" und dem guten Berhaltniffe ju der Geiftlichteit batte hinderlich fein tonnen.

Laromefou-

cauld 1613 Um diesette Beit on mascul ven willigien genje in filler Eingezogenheit fich entfalten —1680. ein Apostel der tieferen Religion" und sein Genje in filler Gingezogenheit fich entfalten Um dieselbe Beit da Pascal den Entschluß faste, "nichts weiter sein zu wollen als ließ, reifte in der großen Belt der feine Beobachtungsgeift des Berzogs François de la Rodefoucauld. Bir haben den bochgeftellten Mann, ben Berebrer ber fconen herzogin von Longueville icon mabrend bes Rrieges der Fronde tennen gelernt, an bem er fo thatigen Antheil genommen und von beffen politifchen Gangen , Intriguen und Schachzugen uns feine Memoiren ein fo intereffantes Bild entwerfen. Dan bat diese Dentwürdigkeiten mit den Annalen und Siftorien des Tacitus verglichen; aber die leichte anmuthige Erzählungsweise bes frangoffichen Feudalberrn gleicht bem berben finnfcweren Stil des römischen Republitaners fo wenig wie ber Inhalt ber Darftellungen und ber Charafter ber Autoren. Weit entfernt von der ftoifchen Barte und weltverachtenben Refignation des Römers, lebte der reiche vornehme Chelmann nach Beendigung ber burgertichen Unruben mitten in ber großen Belt, im Benuffe aller gefelligen Freuden und im Umgange mit den glanzenoften und geistreichsten Mannern und Frauen, denen fein Saus zum Sammelplat diente. Da hatte denn der feingebildete Beit- und Lebemann Gelegenheit genug zu den Beobachtungen, wie fie fich in dem aphoristischen Buch "Reflezionen und Maximen" abspiegeln, einem Buche, aus dem man erfieht, wie fehr ber Egoismus die Saupttriebfeber ber boberen Rreise war; benn die Maximen Rochefoucaulds find nicht fowohl "Refultate bes allgemeinen Dentens" ais Rennzeichen ber bamaligen Sitte. Babrend Bascals "Gebanten" einen idealen Standpunkt für Geift und Gemuth ju erftreben fuchen, find die Reflegionen bes herzogs tait, welttlug, voll Bis und Eleganz aber ohne Glauben an menschliche Tugend und Begeifterung.

la Brupere 1639-1696

Benige literarische Erzeugnisse aus bem Jahrbundert Ludwigs XIV. wurden wegen ihrer eleganten Form und lebensvollen Schilberungen fo viel gelefen und fo febr bewundert als "die Charaftere" bes feinen Beltmannes Jean be la Brupere. Durch Boffuet als Lehrer eines ber toniglichen Prinzen empfohlen, hat er fein Leben bei Hofe und in der vornehmen Gefellschaft zugebracht und seine Beobachtungen und Studien als Stoff und Grundlage für seine Schilderungen der menschlichen Charaftere benutt, wie fie fich in den Sitten, Lebensformen und focialen Erfcheinungen der Beit abspiegelten. Angeregt burch die Charaftere bes Theophraft, die er ben feinigen in einer frangofifden Ueberfepung beigefügt bat, macht La Brupere Die Perfonlichteiten, die er forgfältig ftudirt, jur golie eines allgemeinen Sitten- und Beitgemalbes; aber er begwügt fich nicht mit Umriffen gewisser allgemeinen Formen der menschlichen Dentart und Sitte, wie der alte Beripatetter, sondern feine Charafterbilder fteigen vom Individuellen und Einzelnen jum Allgemeinen auf, wodurch fie Leben, Babrheit und fefte Geftaltung empfingen. Alles ift fein beobachtet und mit ficherer Meifterhand gezeichnet, nur bag man mitunter bas Gefünftelte und Studirte berausfühlt. Der großte Rebler in den Augen des Weltmannes find lächerliche Gewohnheiten , denn die Lächerlichkeit ift bie Rlippe, woran der Menfc in ber Gefellichaft fcheitert. Durch die Clegang ber Sprache und bes Stills hat La Brupère seinen Acflegionen und Charafterzeichnungen ben Stempel rhetorifcher Bolltommenheit aufgeprägt; aber an wiffenschaftlicher Bebeu. tung war er nicht hervorragend. Als er turz vor seinem Tode in die Atademie aufgenommen ward, wurde in einem Cpigramm bemerkt, daß zu der Bahl Bierzig eine Rull gehöre.

Bon der filiftischen Ausbildung der fconen Profa Diefes Mafficen Beitalters Memoiren. geben auch die Dentwürdigteiten und Briefe Beugnis, die jum Theil nicht einmal für bie Deffentlichteit bestimmt burch bie Schilderungen ber Berfonlichteiten und die icarfen Beobachtungen eine machtige Anziehungetraft üben. Bir haben in den obigen Blattern mehrere Diefer perfonlichen Aufzeichnungen tennen gelernt; biele haben nur Berth burch die hiftorischen Mittheilungen, aber manche wie die Memoiren von Sully, Res, Saint Simon u. a. tragen zugleich ein literarisches und funftlerisches Beprage an fic. Die Dentmurbigfeiten Sullus find freilich von angefochtener Cotheit. aber immerhin ein herrliches Denkmal der Berdienste und hohen Gesichtspunkte des Minifters und Bertrauten bes vierten Beinrich. Die Memoiren des gewandten geiftreichen Rardinals de Res find als treues Abbild ber bewegten Beit ber Fronde eben sowohl durch ihren Inhalt als durch ihren für die Kenntnis der Conversationssprache der vornehmen Rreise so wichtigen Stil mertwürdig. Seine Schriften zeigen eine Feinbeit des Pinfels und eine Sicherheit der Conturen, wie man fie nur bei großen Deiftern findet, find aber weniger zuverläffig in den Erzählungen. Die ausführlichen Memoiren des Louis de Rouvrop, Bergogs von Saint. Simon find erft in unserer Beit in ihrer authentischen Gestalt der Deffentlichkeit übergeben worden, nachdem fie wegen ihrer icarfen Urtheile über den hof und hochgestellte Perfonlichtetten fast ein ganges Jahrhundert im Staatsarchiv unter Schlof und Riegel gehalten gewesen. Saint-Simon, deffen Bater von Ludwig XIII. den Bergogstitel erhalten hatte, machte unter dem Marfchall von Luzemburg die niederlandischen geldzüge mit und focht bei gleurus und Reenwinden. Schon damals faste er den Entschluß, feine Erlebniffe aufzuzeichnen und legte ju bem Bwed ein Tagebuch an, die erfte Grundlage feiner Memoiren. Da er fich von Ludwig XIV. vernachläffigt glaubte, jog er fich vom Militairbienst jurud, ohne jeboch mit dem hofe ju brechen. Mitten in dem Parteitreiben flegend, mit der Maintenon verfeindet, mit ben herzoglichen Saufern ber Orleans und Bourgogne in Beziehung, verlieh er feinen Memoiren, an benen er über fünfzig Jahre arbeitete, bas Geprage feiner perfonlichen Ginbrude und Stimmungen, nicht ohne ein aufrichtiges Steeben nach Bahrhaftigkeit, aber in feinen Urtheilen von einfeitigen Anflichten und Parteiruchichten geleitet. Befonders wichtig ift fein Bert für die Beit der Regentichaft, unter welcher er felbst wieder politisch thatig war. Rach bem Lode bes Berzogs von Orleans zog er fic auf fein Landgut Laferte gurud, wo er bis ju feinem Tobe (1755) an bem Berte feines Lebens arbeitete. Das bas Buch von großer Bedeutung fet sowohl in Beziehung auf den hiftorifchen Inhalt als auf Sprache und Runftform , darin ftimmen alle überein, wie sehr auch über die Glaubwurdigkeit die Urtheile auseinander geben. Arangofice Literarhiftoriter ftellen St. Simon mit Lacitus zusammen. "Schon sehr abnlich, fagen fie, fei der Gegenstand, eine Epoche absoluter Regierung, in welcher alles Dafein der Menfchen von der Onade oder Ungnade der Fürften abhänge, und des Berfalles: St. Simon habe nicht die beredte Kürze, die Tiefe der Maximen des Tacitus, aber auch er wife dann und wann mit Einem Borte zu malen und nichts fei willtommener als seine Ausführlichkeit; er habe fich eine Sprache geschaffen, welche incorrect und ordnungslos, alles ausbrude; er wife zugleich bie außere Erscheinung und bas innere Leben von Personen vor die Augen ju bringen, alle verschiedenen und oft einander widerfprechenden Gigenfchaften laffe er nach einander auf der Leinwand erfcheinen. fo daß fich das Bild berichtige und ergange". Aber auch felbft diejenigen Krititer, welche die Unparteilichkeit und Gerechtigkeit feiner Urtheile anfechten und die Memoiren "das Deutmal eines betrogenen Chryseizes" nennen, nicht als Geschichte, sondern als ein

Libell gelten laffen wollen, "bas nur barum Succes babe, weil es, indem es ein großes Beitalter febr im Gingelnen verbachtige, der Citelleit der heutigen Generation fcmeichle" felbft folde bewundern doch das originelle Colorit feines Stils, das Leben feiner tleinen Dramen , in denen die Menfchen ihre Citeleit , ihren Reid , ihre Sabsucht an den Lag legen, ohne es ju merten, und ertennen ibm ben Rang eines großen Schriftftellers ju.

Rante fcließt fein aus einer Bergleichung und Prüfung einzelner Angaben gefchopftes Urtheil dahin ab: "Berfonliche Sympathie und Antipathie beherrichen meistens feine Urtheile und feine gange Anschauung. Bene Tenbeng ber Uebertreibung und fteigenden Mebifance, bat um die nadte Bahrheit wenig befummerte Salent ber Ergablung, verbunden mit perfonlicher Abneigung ober Borliebe, bie aus ber Parteiftellung entspringen, und faliche Information über bas Ractifche bringen bei ihm große Berunftaltungen ber hiftorie berbor. Als eine Quelle reiner hiftorifder Belehrung tann dies Buch, trop bes blenbenben Talentes, mit bem es gefdrieben ift, auf teine Beise angesehen werben". 11m fo großer ift feine Bedeutung fur bie Renntnif bei hofes, bes Barteimefens, ber öffentlichen Deinung, wie fie fich in ber vornehmen Belt vernehmen ließ. "Bas fonft flüchtig von Mund ju Munde geht, und wieder vergeffen wird, zeichnet St. Simon auf: nicht etwa unparteiifch, Lob und Tabel, fondern als ein volles und echtes Mitglied biefer Gefellichaft, bald als eifriger Unbanger, balb als beftiger geind. Benn bie Medifance vorberricht, fo ift es nicht fowohl feine Schuld, als ber Charafter ber Sefellichaft."

Briefe.

Bie die erwähnten Memoiren, die wir aus einer großen Bahl ähnlicher Produce tionen als die angiebenoften bervorgeboben haben, spiegeln auch die Briefe ber Mar-Bran von quife von Sebigné bas Leben und die Gefellschaft jur Beit Ludwigs XIV. in taleido-Ervigne quife von Sebigné bas Leben und die Gefellschaft jur Beit Ludwigs XIV. in taleido-1626—1696. scopischen Bilbern ab. Die feingebildete Dame, die mitten unter den Berführungen bes hofes die Reinheit ber Seele und echte Beiblichkeit bewahrt hat, gibt in ber unvergleichlichen Unmuth und Leichtigkeit, womit fie die Begebenheiten des Tages darftellt, ein lebensvolles Gemalbe von der gebildeten Gesellschaft der Beit. "Frau von Sevigne hat Sympathie für Alles, was fie berührt, das Größte wie das Rleinste: für die Berftreuung der Stadt, die Ginsamteit des Landlebens, die Festlichkeiten des Sofes, wie für die Foliobande theologischer Controversen; fie ift reigbar, den Dingen hingegeben und doch dabei voll von Rachdenten, etwas für fich felbst". Ihre Briefe find ein treuer Spiegel ber Bett in allen Richtungen und Erscheinungen. Richt burch bie Schonheit ber Form, aber durch Unmittelbarkeit und Raivetat des Ausdruck, merkwürdig find die Briefe und Dentwürdigkeiten ber mehrfach erwähnten Pfalzgrafin Clifabethe Charlotte, zweiten Gemahlin des Herzogs von Orleans, ein Denkmal deutschen Gemuths, Mitten in dem Gewühle des Bofes einfam, ohne beutider Befinnung und Ratur. Liebe für den unbedeutenden ausschweifenden Gemahl, fühlte fie fich mit ihrem Bedurf. nis vertraulicher Mittheilung auf entfernte Berwandte angewiesen, denen fie warme und ansschließende Sympathien widmet, benen fie über Alles Mittheilungen macht, mas ihr Berg bewegt, mas ihr Schmerz oder Freude bereitet, mit rudfichtslofer Offenheit über Frau von Maintenon, über den hof, über die Spigen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t fich auslaffend.

Bluchtlinge-

Auch die Sugenottentampfe und die Revocation des Chifts von Rantes trugen ge: Bebung und Bereicherung der frangofischen Literatur bei, wenn gleich nicht in foldem Grade wie die Jansenistischen Streitigkeiten im Schoofe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selbu. Bir wiffen, daß fo manche wiffenschaftlich gebildete Manner reformirter Confession fic außer Landes flüchteten. Die namhaftesten barunter fuchten ein Afpl in Bolland, wo ste unter dem Schupe der confessionsverwandten Republik einen gesicherten Boden für ihre literarische Thätigkeit fanden und ihre Ansichten in polemischen und philosophischen Berten nieberlegten. In den letten Jahrzehnten des fiebengehnten Jahrhunberts waren die Riederlande eine fruchtbare Bertftatte für gelftige Arbeit, an der fich alle Rationen betheiligten. Die Rriege Frantreichs gegen die hollandischen Generalftaaten galten nicht minder bem freien Geift, der dort gegen Gewiffeuszwang und Glaubensbespotismus feine Schwingen regte und ber forfdung und Biffenfcaft ibre Berechtigung ju erhalten fuchte, ale ben politifden Gegenfagen und den commerciellen Sonderintereffen. Bu ben ftartften Geiftern, die fich der religiofen Intolerang in der Beimath durch die Flucht nach Bolland entzogen und die fdriftftellerische Runft, die Birtuofitat in Stil und Sprache, die fie im Baterland fich angeeignet, in der Fremde in Anwendung brachten, gebort Pierre Baple, Sohn eines reformirten Geiftlichen in Bable Durch Studien in ber Beimath und in der Schweiz mit vielseitigen Remniniffen ausgeruftet, bat er mabrend feines langen Aufenthalts in Rotterdam eine große Angahl scarsfinniger Schriften philosophischen, polemischen und kritischen Inhalts verfaßt, welche die Aufmerklamkeit von ganz Europa auf ihn lenkten, bald Bustimmung, bald Biderspruch erregten. Auch begründete er dort eine periodische Schrift (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welche die Sache ber freien Forfchung gegenüber dem Befuiten-Bournal de Erevour verfocht. Baple's Sauptwert ift fein biftorifches und fritifches Borterbuch, worin er an eine Angahl Ramen aus der politifchen, firchlichen und literarifchen Gefdichte feine gelehrten Unterfuchungen und fleptifchen Betrachtungen anreibt, ein Bud, das, bei aller Rube und Gewiffenhaftigfeit der Forfdung, jum Bweifel und Unglauben anregt und baber von jeber beftige Sadler unter allen Barteien gefunden hat. Ergriffen bon ben Leiden ber Berfolgung, forieb er ferner das berühmte Buchlein : "über die religiofe Tolerang", beren Berth er aus eigener Erfahrung tennen gelernt hatte, und unterftuste darin feine Bernunftgrunde durch Spruche und durch den Beift Baple's Grundfas, daß die menichliche Bernunft nur vermogend fei, 3rrder Bibel. thumer ju entbeden, feineswegs aber die Bahrheit ju ertennen, bat feinen Unterfucungen einen auflöfenden und vernichtenden Charafter aufgedrudt. Er befampfte mit Freimuth und überzeugender Grundlichfeit und Rlarbeit alle Brethumer und Borurtheile in Rirche, Staat, Biffenschaft und Leben und unterwarf alles Borhandene in Sitten , Meinungen , Staatseinrichtungen und Religion feinem prufenden Berftand. Gin Bortampfer der Dent- und Glaubensfreiheit, hat er mit Ruhnheit und Gelehrfamteit den Biderfpruch zwifchen Denten und Glauben, Bernunft und Offenbarung nachgewiesen und baraus die Berechtigung zum 3meifel und ben Unspruch auf Dulbung jeder bon ben berefchenden firchlichen Borftellungen abweichenden Ueberzeugung bergeleitet, fofern fie nur dem Staat nicht gefährlich werden tonnte. Seine Schriften maren um so wirksamer, als er Weister des Stils war und selbst den gelehrtesten Abhandlungen burd wigige und unterhaltende Darftellung und Anetboten ein Intereffe zu geben mußte. In feine Buftapfen traten ber geiftreiche Beltmann St. Ebremond, der, nach. dem er Sahrelang unter Magarin in den gebildetften Rreifen der frangofifden Sauptftadt fich bewegt, für feine tritifchen und fleptischen Arbeiten und feine epicureische Lebensphilosophie querft in Solland und bann im ftuartiden England eine Freifiatte fucte und als flüchtling in London ftarb, und der gleichfalls in Solland lebende Benfer Leclere, ber in gablreichen biftorifden, theologischen und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des Meifters Anfichten überbietend ben Sweifel jur volltommenen Berneinung steigerte.

Auf entgegengefehtem Standpuntte fleht der als Rangelredner, Sugenottenbetehrer und Ciferer für tatholifche Rechtglaubigfeit bekannte Boffuet, Buerft Ergieber Des Boffuet Dauphin dann Bifchof von Meaux und Mitglied des Staatsraths, ein Muger, ehrgeiziger Bralat, ber feine Gelehrfamteit und idriftftellerifde Begabung im Dienfte ber gallicanischen Rirche zu berwerthen, die Babrheit der firchlichen Offenbarung mit Gulfe eingehender hiftorifder Studien und Argumente zu begründen, dabei aber auch burch fein

literarifches wie durch fein praftifch-firchliches Birten Gunft und Sinflug bei Dofe ju erlangen fuchte. "Er verfocht die religiofe Idee, wie fie fich mit bem Staat gleichfam verschmolzen bat, und die einmal feftgefeste Doctrin, mit der Sicherheit, welche wohlbegrundete Ueberzeugung und tieferes Berfiandniß gemabren, in dem majeftatifchen Ausbrud ber Ricchensprache bes fiebengehnten Jahrhunderts." Seine "Darftellung (Exposition) der tatholischen Glaubenslehre" tann als das Programm ber gallicanis fchen Rirche über alle ftreitigen Doctrinen gelten. Außer feinen geiftlichen Trauerreben und polemifden Schriften wider die Protestanten ("die Gefdichte ber religiofen Beranderung (variations) in der protestantifchen Rirche") ift unter Boffuets bidattifche rbetorifden Schriften befonders bervorzubeben : fein mit Rraft und Beredfamfeit gefdriebenes, junadft für den Dauphin Ludwig bestimmtes Bert über die Beltgefcicte (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det erfte Berfuch, die Geschichte als ein Ganzes und mit driftlich-theologischer Beziehung aufzufaffen, die Bege zu zeigen, auf welchen die gottliche Borfebung die Menfchen geleitet, an der Sand einer toomopolitifchen Ueberficht aller großen Beitbegebenheiten die Erziehung des Menfchengefchiechts nach bem Rathfchluß Gottes zu erkennen. Bu bem Enbe fuchte er einerfeits die Berganglichteit aller irbifchen Große, anderfeits Die Anftalten ber Borfebung zur Entwidelung und Erhaltung eines ewig unwandelbaren Glaubens anschaulich zu machen, eine tunftvoll geordnete rhetorifc burchgeführte theologifche Tendengfdrift, Die aber weder dem Siftoriter noch dem Philosophen Genuge ju thun vermochte. In feinem, gleichfalls dem Dauphin bestimmten "Abris der Geschichte von Frankreich", und in feiner Abhandlung : "Die Politit nach der Beil. Schrift", worin er die Uebereinstimmung ber Kormen ber frangoficen Monarchie mit ben Aussprüchen ber Bibel nachzuweisen fucte, bulbigt er einer absolutiftischen Staatslehre, welche bem gurften unumschrantte Sewalt und Autorität, ben Unterthanen als Mittel gegen Billfur und Lyrannei bemuthige Borftellungen und Bebete gestattet. Boffuet trug, wie auch feine gefeierten Mitbewerber um bie Balme ber Rangelberedfamteit, Fledier, Bourbalou u. M. tein Bedenken, die Ausrottung der calvinischen Regerei als eine der preiswurdigften Thaten des großen Ronigs zu rühmen.

#### 5. Wissenschaft und Kunft.

Alterthums

Richt blos auf den Gebieten der fconen Literatur war das Beitalter Andwigs XIV. tunde und Befdicte ein goldenes, in allen Bweigen menfolichen Biffens und Ronnens wurden Anftrengunforfdung. gen gemacht, die zu den erfreulichften Refultaten führten. Es ift bereits ermabnt, welche Impulse ber Minifter Colbert, ein Staatsmann von weitem Blid und hobem Geifte, im Sinne und jum Ruhme feines Monarchen allen Biffenschaften zu geben bemuht mar, fei es burch Staatsunterftugungen , fei es durch Grundung gelehrter Befellichaften und Bereine ober durch Abrderung der höheren Bildungsanstalten. Die Raturwiffenschaften, die Mathematit, die Aftronomie und Geographie nahmen einen erfreulichen Aufschwung, und wenn auch die Alterthumstunde fich nicht mehr auf der früheren Sobe bielt (X, 687 ff.), wenn ber größte Renner und Ertiarer ber antite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Claube Saumaife (Salmafius) um ber Religion willen bas fcone Frantreich mit holland und Schweden bertaufchte und wie fcon ein Menfchenalter bor ihm ber Benfer Cafaubonus in der Fremde fein Grab fand; fo wurden doch auch unter Ludwig XIV. die Maffichen Berte ber griechischen und romischen Belt burch Ausgaben, Commentare und Ueberfehungen juganglicher gemacht. Reben La Bruber, Fonte nelle u. a. war die Ueberfepung bes homer burch Frau Daeier ein weitverbreitetes Buch, mit der Befult Beiresque, der mit den erften Gelehrten feiner Beit in bricf-

lichem oder perföulichem Berkehr fand, hat um die Begründung der Archaologie fich wesentlich verdient gemacht. Die Cbitionen der Rlaffiter "jum Gebrauch des Dauphin" (in usum Delphini), obicon mehr ausgezeichnet burch topographische Ausstattung als durch inneren Berth , trugen gleichfalls jur Berbreitung der Alterthumstunde bei. - Ebenso blieb auch die Geschichtschreibung und Geschichtforschung nicht ohne Pflege, wenn gleich auch hierin das sechzehnte Jahrhundert größere Leiftungen aufjuweifen hatte. Unter den gelehrten Arbeiten, deren Sauptzwed auf die Bufammenftellung und Anordnung des Materials, auf die Beschaffung der Fundamente zum Unterbau der Siftoriographie gerichtet mar, fleben in erfter Reihe: Tillemonts Schriften über die romifche Raifergeschichte und die erften Jahrhunderte ber driftlichen Rirche, ein Bert, bas Gibbon bei feiner Gef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s romifchen Reichs fleißig benutt hat; Pagi's fritifche Forfdungen ber firchlichen Annalen des Baronius, ein grundliches und mit Beift abgefastes Bert bom freifinnigen Standpunkte ber gallicanifd-latholifden Rirde; Beauforts fritifde Schrift "über die Ungewißheit der fünf erften Jahrhunderte der romischen Geschichte", worin mit gelehrter und fritischer Prüfung der Schriftsteller nachgewiesen wird, daß die traditionelle Geschichte des altesten Rom nirgends eine urtundliche Bemahr für fich habe; Rollins fleißige, aber frititlose "römische Geschichte"; und Du Cange's Borterbucher (Gloffarien) über die Latinitat und Gracitat des Mittelalters, wodurch das Berftandnis des Feudalrechts und der Buftande des Mittelalters fehr gefordert ward. Diefe und andere hiftorische Sammelwerte, bor Allem die erfte foftematifche Bufammenftellung ber alten frangoftiden hiftoriter von Andre Duchesne, die Sammlung von Urtunden über die Rirchengefdicte Frankreichs von Baluge, Colberts Bibliothecar, die "Drientalifche Bibliothet" bon herbelot u. g. 28. verdantten der königlichen Protection ihren Ursprung und Fortgang. So verdienstvoll indessen diese und ähnliche gelehrte Berke und Sammlungen fein mochten, bem Bedurfnis der gebildeten Stande für hiftorifche Belehrung oder Unterhaltung tounten fie nicht genugen; bafur mußte eine Gefchichtschreibung ins Leben gerufen werden, welche mehr mit bem Gefdmad, mit der fprachlichen und ftiliftifden Besammtbildung der Beit übereinstimmte. So entstanden denn Geschichtswerke, bei benen es mehr auf eine angenehme Lecture als auf fritische und mahrhaftige Durchforfchung und Berarbeitung bes hiftorifden Stoffes abgesehen mar, wie die frangofische Beschichte von Barillas, die Berfcmorung gegen die Republit Benedig im 3. 1618 bon St. Real, Die gefchichtlichen Berte Des Abbe Rene Aubert De Bertot über Die Bertot Revolutionen in Rom, in Bortugal, in Schweden und über den Orden von Malta u. a. B. Aber weder diefe wenig grundlichen und zuverlaffigen Gefcichtebucher noch die jahlreichen Memoiren der Beit tonnten den hiftorifden Ginn und das Bedurfuiß der Menfchen nach mahrhaftiger Gefdichtbertenntniß befriedigen; man verlangte eine Siftoriographie im Beifte bes griechischen und romifchen Alterthums oder ber Staliener des fechzehnten Jahrhunderts; aber diefes Berlangen blieb unbefriedigt; das Beitalter Ludwigs XIV., in allen übrigen Biffenschaften und Runften ein mufterschaffendes, brachte kinen historiker ersten Ranges hervor; denn das Geschichtswerk des hugenotten d'Aubigné, "gedautenreich, martig und gedrungen", (X, 709) gehört einem früheren Menidenalter an. Der einzige Mann, der die Aufgabe eines mahren hiftoriters begriff, war François de Megeray, Berfaffer einer Gefchichte von Frankreich. Diefer gwar Megeray teineswegs elegante aber grundliche Schriftsteller faste das Rationalleben in feiner Tiefe und Totalität auf und ftellte im Beifte der Fronde, der er einft durch Blugschriften gebient, bas Spftem der Generalpächter und bas gange drudende Abgabe- und Steuerwesen mit mannlichem Freimuth in ein so grelles Licht, daß er darüber die Stelle und den Gehalt eines königlichen Siftoriographen verlor. Bie follte auch in einer Beit, ba

die ganze Ration für das Königthum fowarmte, da mit ber absoluten Monarchie ein Cultus getrieben ward, eine wurdige, freimuthige und charaftervolle Historiographie auftommen? Bie viele Anertennung man immer dem grundlichen Heiß eines Ican Mabillon, bes Begrunders der diplomatifchen Biffenschaft zollen mag; fo viel Belegrung die ausführliche Geschichte Frankreichs von dem Jesultenpater Daniel oder die Rirchengeschichte des Abbé de Fleury darbieten mag; von dem Biele der wahren Geschichtschung find fie nach Form und Inhalt welt entfernt. Fast fammtliche Siftoriter gehörten dem geiftlichen Stande, meiftens dem Ordensclerus an, und ihr Sauptftreben war babin gerichtet, die Begebenbeiten im Interesse der Kirche und des Königthums barzustellen. Den Charafter und den Genius eines Thuthdides oder Tacitus durfte man in den Sagen eines Louis XIV. bei geiftlichen Schriftstellern nicht fuchen. Der einzige Mann, der nach Mezerah noch ein Berftandniß für die Aufgabe und die Tugenden eines echten Geschichtschreibers zeigte, der mit Bahrheiteliebe und unparteilschem objectiven Sinn an feinen Gegenstand herantrat, war der Sugenotte Rapin de Thopras, ber bem Infellande, das dem Flüchtigen nach der Aufhebung des Ranter Chitte ein Afpl gewährte, feinen Dank durch die caraftervolle Darftellung ber Sefdicte Englands abtrug.

Jurispru.

Auch in dem Sang der Rechtsftudien bemertt man ein abnliches Beftreben, Die beng und Greungenschaften des Alterthums mit den Beitbedurfniffen und Beitideen in Ueberrinwiffenschaft filmmung zu fegen, wie bei der Alterthumbtunde. Benn im Beitalter ber Renaiffance der uns bereits bekannte Cujacius (X., 691. XI., 432) feine erstaunliche Arbeitsfraft dazu verwendet hat, den Beitgenoffen die Pandetten verftandlicher und zuganglicher ju machen, indem er ben Tegt durch Bergleichung vieler Sandfcriften verbefferte, den Sinn und die wahre Bedeutung der Rechtsbestimmungen ju erforschen, durch Roten und Commentare zu erklaren und festzusehen fic bemubte, wenn er durch feine Studien und Arbeiten wesentlich zu der spstematischen Ausbildung des römischen Rechts und der gefammten Rechtswiffenschaft beitrug, unterftust durch die gleichzeitigen Leiftungen abnlicher Art in andern Ländern (X, 901); so waren die späteren Generationen mehr bestissen. den gehobenen Schat ju hegen und zu pflegen, die Rechtsinstitute des Alterthums für die Gegenwart nugbringend ju machen, bie Landesrechte an ber Sand ber romifchen Jurisprudent auszubilden, zu ordnen und wiffenschaftlich zu gestalten. So wurde in Frantreich eine Berbindung und Durchdringung bes romifchen Rechts und ber Landesrechte angeftrebt durch Dumoulin, der eben fo tundig der alten wie der neuen Rechte "die Barifer Coutumes prattifd commentirte und fic ben Ramen des franzöfischen Papis nian erwarb. Bon ben Begriffen des romifden und des altfrangofischen Rechts aus feste fic Dumoulin auch dem Bordringen der papftlichen Autorität entgegen". -Much auf die Entwidelung der ftaatsrechtlichen Ibeen übten die romifden Rechtsanschauungen ihre Gewalt, um so mehr als fie der Ausbildung des monarchischen Absolutismus forberfam ichienen. Die Anfichten von einem burch Bertrage und Bolterechte beschränkten Rönigthum, wie fie unter bem Ginfluß calbinischer Doctrinen bei einem Languet und Boetie hervorgetreten (X, 710), wurden durch die revolutionaren und anarchischen Bewegungen in den letten Decennien des sechzehnten und den erften det fiebzehnten Jahrhunderts mächtig erschüttert und bas absolute Erbfonigthum wie in ber Birklichkeit so auch in der Theorie als göttliche Institution, als Fels in dem wogenden Bobin Staatsleben aufgestellt. Bar doch fcon, wie erwähnt, Jean Bobin, ein mit den letten Bliedern des Saufes Balois vielfach verbundener Rechtsgelehrter, angefichts ber Unficherheit ber öffentlichen Buftande zu Anfichten gelangt, die ber unbedingten Monarchie febr nabe tamen. In bem berühmten Bert "vom Staat" unterfucte Bodin das Befen und die Borzuge und Rachtheile der verschiedenen Staatsformen und redek

ber absoluten concentrirten Staatsgewalt, wie fie die romifde Gesetzgebung vorzeichnete, im Gegenfat zu den zerfahrenen Buftanden des mittelalterigen Lehnftaats das Bort. Geht er auch teineswegs fo weit, daß er, wie später Hobbes theoretisch, oder wie die Hof- und Staatsmanner Ludwigs XIV. prattifc das Bringip des l'état c'est moi aufstellte und befolgte; ift er auch der Anficht, daß es fich empfehle, bem Bolte ein Steuerbewilligungsrecht zu gewähren, wenn gleich nicht als unbedingtes Staatsgrundgeses, da es Källe geben tonne, wo ber Fürft, bem bas allgemeine Bohl anvertraut fei, die Beiftimmung ber Stande nicht abwarten tonne; fo erfceint ibm bod Ungehorfam und Anarchie als eine so große Gefahr, daß eine monarchische Autokratie dagegen als ein kleineres Uebel anzufeben fei. "Befonders ift Bobin durchdrungen von dem Begriffe ber Majeftat, welche dem Fürsten zukomme, über dem Riemand sei als Gott allein; aus diesem leitet er das Recht des Kriegs und Friedens, des Lebens und des Todes, die Czemtion von den Gesegen, das oberfte Gericht und besonders die Bobeit über die Geiftlichkeit ber, deren Reichthumer, Borrechte und felbftandige Befugniffe ibm verwerflich fceinen". Der Souveran fei in feinem Gewiffen an feine Cibe und Bufagen gebunden, halte er fich aber nicht daran, so habe Riemand das Recht, denselben, sofern er ein von Gott eingefester legitimer Fürft ift, zu zwingen; Unterwerfung unter die königliche Gewalt aus Liebe gur Ordnung und jum Baterland muffe bemnach als Fundamentalgefet gelten. Bie die englischen Tories hält also auch Bodin den Grundsatz von dem passiven Gehorsam gegenüber dem legitimen Staatsoberhaupt aufrecht, und auch darin stimmt cr mit den Ogforder hochfirchenmannern überein, daß er der 3bee einer Staatstirche den Borzug gibt und es als ein Unglück ansieht, wenn es in Einem Reiche mehr als Eine Religion gebe. Aber er ift weit entfernt, gewaltsame Bekehrungen zu billigen. Sei es einmal durch ben Billen bes allmächtigen Gottes gefchen, daß berfciedene Betenntniffe in einem Lande bestehen, fo muffe ber gurft die Abgewichenen lieber bulben, als den Staat in Gefahr bringen ; vor Allem muffe er fich huten, die Baffen gegen fie gu führen, icon um ber Möglichkeit willen, von feinen Unterthanen befiegt zu werben, modurch die Autoritat erschüttert wurde. Satte Bodin die Beit ber Sugenottenbetehrungen unter Ludwig XIV. erlebt, fo wurde er nimmermehr in die Lobpreifung der rohalistifchflerikalen Ultras eingestimmt haben. Bon der Apologetik eines Boffuet, der die absolutistifche Gewaltherricaft aus der heil. Schrift zu rechtfertigen suchte, oder bon der unwürdigen Servilität der Staatsmanner und höflinge am Throne des "großen" Ludwig, welche das politische Leben der Ration gleichsam auslöschen und auf ein einziges geweihtes Haupt übertragen wollten, war er weit entfernt. Rur wo alle Organe die ihr von der Ratur zugewiesenen Functionen verrichten, tonne Gesundheit und Lebenstraft bestehen. — Auch das Brivatrecht wurde an der Hand des römischen ausgebildet. Bean Domat aus Aubergne, ein intimer Freund von Pascal und gleich diesem aus Portrobal bervorgegangen, forieb ein flaffices Bert "über die burgerlichen Rechte in ihrer natürlichen Ordnung", wie fie fich in der Familie und der menfolichen Gefellschaft ausprägen, ein Bert von driftlich idealsphilosophischem Standpunkt, das, wie ein frangöfifcher hiftoriter fich ausbrudt, bem bon Cujacius aufgestellten und neugeschaffenen Rechtstörper die Seele hinzufügte. Obwohl Jansenist wurde Domat doch auf die Empfehlung des Ministers d'Aguesseau von Ludwig XIV. begünftigt.

Gleich der Literatur ftanden auch die ichonen Runfte im Dienfte des Bofes. Saben Runftgedie früheren frangofifchen Ronige im Loubre, im Schloffe von Fontainebleau und in fo Runftigatigmanden andern impofanten Gebäuden die Architectur der italienischen Renaissance nach feit. Frankreich verpflanzt, fo wurde Ludwig XIV. ber Begrunder eines neuen Aunftftiles, der zum Gewaltigen das Bierliche, gur einfachen Große ben Schmud und die bunte Mannichfaltigkeit hinzufügend als "Rococo" eine kunftgeschichtliche Bedeutung in ganz

Europa erlangt hat. In dem Schloffe zu Berfailles mit feinen Prachtfalen und Galerien, mit feinen Gartenanlagen, Baumgangen und Springbrunnen, bei beffen Bau bie ersten Architetten, bor Allen die beiben Manfart, Obeim und Reffe, thatig waren, bei beffen Ausschmudung mit Deden- und Bandgemalden, mit Bildwerten und Ornamenten die erften Maler, wie Lebrun, Jouvenet, Mignard und die geschidteften Bildhauer wie Girardon, Copfevox, Desjardins Sand anlegten, wirkten alle Runfte jufammen, um ein der monarchischen Macht und Berrlichkeit des großen Ronigs entsprechendes Dentmal zu fchaffen. Bie man auch immer über die Runftrichtung des Rococo urtheilen mag, durch die technische Ausbildung des Einzelnen, durch die zierliche reiche Decoration im Innern, durch die Unwendung überlegter Runftregeln bat fie ihren Berten ein gragiofes Beprage aufgebrudt, bas mit bem gangen Gefcmads- und Bilbungsftand bes Beitalters, mit bem Ueberwiegen von form und Gefet über Genie und Ginbildungstraft Der ftrenge antiffirende Stil eines Ricolaus Bouffin, bes altern, ber fowohl als Siftorienmaler wie als Schopfer ber beroifden Landicaft ein wurdiger Bertreter frangofischer Runftleiftung im Beitalter bes Eclecticismus (X, 385 ff.) war, ftand nicht mehr mit bem Beitgeschmad in voller Barmonie: wie in der Tragodie Corneille und Racine zwar fich an die Borbilder und Regeln der antiken Dramaturgie hielten, aber durch Beigiehung romantischer Clemente ihren Schöpfungen einen milberen Charafter aufpragten, fo auch die Maler. Durch die vielleicht auf Souffins Anregung von Colbert 1667 gegründete Atademie von St. Luca in Rom wurde die frangofifche Runft mit der italienischen in Berbindung gehalten. Babrend Ricolaus Pouffin fich völlig in den Sinn des Alterthums zu verfenten und bon diefer Anschauung aus feine Compositionen ju gestalten fuchte, streifte foon fein Somager Cafpar Dugbet, Cafpar gleichfalls Pouffin genannt, in feinen landschaftlichen Bilbern bas Strenge und Gerbe (Dugbet) ab und ging zu einer freieren Behandlung, zu einer lebensvolleren Fulle und Frifche -76. über. Diefer durch moderne Sentimentalität und berfeinerte Beitbildung gemäßigte antitifirende Charafter gab der frangofifden Runft ihr eigenthumliches Geprage. Bouet tühne Raturalismus des den Benetianern und dem Caravaggio nachftrebenden Ralers Lefueur Simon Bouet vermochte nicht burchzudringen; fcon fein Schuler, Cuftace Lefueur -65. lentte in die edleren Schonheitsformen der altern Italiener ein und gelangte dadurch jum Ausbrud einer milden und liebenswürdigen Gemuthsftimmung, der befonders in seinen Scenen des Monchslebens hervortritt. Der eigentliche Reprafentant der frangofifchen Malerei im Beitalter Ludwigs XIV. war ber tonigliche fofmaler Charles Le-Lebrun brun, der vorzugsmeise die funftlerischen Unternehmungen zu leiten batte und das Saupt einer gangen Cohorte bon Runftlern und Technitern aller Art war. Lebrun war ein Mann bon großer Begabung, aber er mandte fein Talent vorzugsweise dazu an, "jene theatralifche Scheingroße, welche fur biefe Epoche ber frangofifchen Gefcichte fo charafteristisch ift , zur funftlerischen Ausbildung zu bringen. Seine großen und umfaffenden Darftellungen haben ein pomphaft decoratives Geprage, in welchem er feinem Beitgenoffen Cortona ebenburtig jur Seite fteht; inneres Gefühl, individualifirende Gestaltung, Rlarheit und Gemeffenheit in Auffaffung und Anordnung werden in ihnen mehr ober weniger vermißt". Seine Runftrichtung blieb bas Borbild fur bas gange Claube folgende Jahrhundert bis zur Revolution. Beit hoher als Lebrun fieht jedoch Claude :verall Gelée, bekannt unter seinem Heimathsnamen Lorrain, ein Landschaftsmaler. bei dem fich die plaftische Strenge der Linienführung Bouffins zum anmuthebollften Bobllaut aufloste, der wie tein anderer Meister es verstand, "in die Geheimniffe des Raturlebens zu dringen und im bezaubernden Spiele des Sonnenlichts, im Schmelz thauiger Grunde, im Reiz duftig abgetonter Fernen eine Stimmung zu erreichen, die wie eine ewige Sabbathfeier in die Seele bringt. Bei ibm ift alles Glang, Licht, ungetrubte Rlarbeit und

harmonie eines erften Schöpfungsmorgens im Paradiefe". Aber in Baris und Berfailles war fur eine folde Runftrichtung teine Statte; ein Sohn armer Lothringer Eltern verbrachte er den größten Theil feines Lebens in Italien, zumal in Rom, wo er auch ftarb mit hinterlaffung eines ansehnlichen Bermogens, bas ihm feine gablreichen

Landschaftsbilder eingetragen.

Die große Bahl geiftreicher und geschmadvoller Schriftsteller und Runftler , welche Schlus. von der Mitte des fiebenzehnten bis in die erften Decennien b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e das frangofifche Befellichafteleben beherrichten, die Befege des Gefcmade und der feinen Bilbung in allen Erzeugniffen der Runft, ber Literatur, bes geiftigen Bertehre für gang Europa aufstellten, die Formen des Umgangs, die Regeln der Mode festfesten, hat' die lange Regierung Ludwigs XIV. und die nächsten Jahre ju einem goldenen Beitalter der Cultur und der schöngeistigen Ausbildung erhoben, wie die Geschichte nur wenige Epochen zu verzeichnen hat. Man konnte die Babl der Ramen, welche nur die Spipen und Haupttrager dieses literarischen und fünftlerischen Reichthums bezeichnen, leicht um das Doppelte erhöhen, ohne die gange Fulle der Rrafte und Leiftungen au ericopfen. Bar manche Sterne, die bamals am geistigen Horizont glanzten, find in der Folge fpurios verschwunden. Ber lieft noch, außer ben Literarbiftorifern den Bobier de Fontenelle aus Rouen, ben Reffen des großen Corneille, der nicht Kontenelle blos durch die schon erwähnten Idullen ober Schafergedichte fich einen Ramen machte, sondern auf allen Gebieten des Könnens und Wissens in gebundener und ungebundener Rede die formalen Borzüge entfaltete, die damals fo hoch geschätzt wurden, der zwei Menschenalter hindurch der beständige Secretar der Atademie gewesen und sowohl wegen univerfeller Bildung und feinen Gefchmads als wegen feiner liebensmurbigen Umgangsformen in ganz Europa berühmt war! Ein echter Schongeift ohne Tiefe und Originalität aber Meister der eleganten Diction in Schrift und Rede hat Fontenelle in scinem langen Leben als Philosoph im Geiste Montaigne's, als Gelehrter und als Dichter geglangt, ohne daß seine Berte bei der Rachwelt fich in großem Ansehen zu behaupten vermocht hatten. Denn wie follten poetifche Productionen dauernden Beifall finden, welche tein hoberes Biel hatten, als eine angenehme Unterhaltung ju ichaffen? Und doch hat Contenelle dramatische Stücke aller Gattungen, Romödien, Tragödien und Singspiele berfast, bat gabeln, Epigramme und fleinere Boefien in glatten gierlichen Berfen gedichtet, hat eine ganze Reihe akademischer Gedachtnifreden oder Clogien geschrieben und gebalten, bat in einer Sammlung von Briefen, die er felbst als "galante" bezeichnete, nicht nur mit Balgac und Boiture, fondern felbst mit Frau von Sevigne gewetteifert, hat in tritischen Abhandlungen über Boetit und Rhetorit im Berein mit Berrault die damals viel behandelte Streitfrage über die Borguge ber antiten und modernen Dict und Rebetunft zu Gunften ber letteren zu entscheiden gefucht, bat mit Benelon burch "Codtengesprache" in der fleptischen und ironischen Richtung Lucians gewetteifert. — Eben fo wenig hat Fontenelle's Rivale Soudart de la Motte die Un- Lamotte, fterblichteit erlangen tonnen, die ibm feine Gitelteit und feine Selbstüberfcagung borspiegelte. Ohne Genie aber begabt mit großem Rachahmungstalent hat er sowohl in ber dramatifden als lyrifden Boefie nur Berte geliefert, Die er alteren Dichtern entlehnt oder abgefeben batte. Und boch hatte auch Lamotte viele Berehrer und Bewunderer, wie fehr auch immer sowohl seine poetischen Erzeugniffe als seine Theorie der Dichttunft ben Beweis lieferten, daß bem fpateren Beitalter Ludwigs XIV. Ginn und Berftandniß für jede echte Boefie abgingen. Den Beitgenoffen bes alten Monarchen und des Regenten war die Boefie nur ein Mittel und Bertzeug Boblgefallen zu erregen, das Leben zu verschönern, höchstens noch eine nühliche Moral ober Belehrung mit der Unterhaltung zu verbinden. Phantafie und Begeisterung, ber Born aller mabren Poeffe,

fteben bei ihnen im Dienfte des Berftandes und unter der Bucht fritifcher Grundfate. Ein natürlicher Aufschwung der Seele, ein inneres Schauen gelten ihnen als Cigenfcaften, die nur durch Unwendung des Bugels zwedmäßig gebraucht werden tonnen. Begafus muß von Berftand , Rritit und Regel gelenkt und geleitet werden ; Reflexion, Studium und afthetische Bildung find die Schule und Lehrmittel des Dichters. Barnaß erschwingt man nicht mit dem Auge des Sebers, man erreicht ihn durch mub: fames Aufsteigen mittelft zwedmaßiger Gulfsmittel. Es war gleichfam eine Reaction gegen diefe conventionellen Gefdmaderegeln, gegen diefe "Unterhaltungen bes Biget und Berftandes", daß fich am Ende des Sahrhunderts eine Fluth von Feenmarchen aufthat, die nach dem Borbilde der orientalischen Erzählungen "Tausend und eine Racht" ber freien Einbildungefraft ihr Recht ju bindiciren suchten. Um befannteften waren "die Marchen meiner Mutter Bans" von dem genannten Rarl Berrault, dem Berfechter der modernen Literatur im Bergleich mit den Alten, und die "vier Fatardine" des Grafen Anton von Samilton. Meistens von Damen cultivirt (La Force, d'Annoh u. a.) wurden die Feenmarchen mit ber Beit zu padagogischen 3weden ausgebeutet. Selbft Fénélon hat für die Erziehung des Herzogs von Bourgogne folde Spiele der Phantake gefdrieben.

# II. Philosophie.

### 1. Carteflus, geuling und Malebranche.

Das Suchen Babrbeit.

Die moderne Gesammtbildung ging junachst aus dem Bestreben berbor. nach über bie Feffeln abzustreifen, welche bas Mittelalter ber freien menschlichen Entwidelung auf allen Lebensgebieten angelegt, mit ber Tradition zu brechen und auf das Ursprüngliche zurückzugehen. Rachdem die Naturwissenschaft und Astronomie fich von den kirchlichen Banden befreit, die Reformation gegen den Dogmatismus ber Scholaftit Protestation erhoben, suchte ber bentenbe und forschende Beift auf neuen Begen, ohne fich an die Boraussehungen einer geoffenbarten Bahrheit, einer positiven Biffens, und Glaubensnorm zu halten, zu einer höheren Erkenntniß über das Universum, ju einer weiteren und freieren Beltweisheit emporausteigen. Copernicus und seine Nachfolger batten die mittelalterige Gebundenheit der Beltanschauung in ihrer außern Erscheinung gerriffen, durch die Reformatoren war das firchliche Glaubensspftem erschüttert worden; nun galt es junachst aus bem Borrathehause geistiger Arbeiten und Errungenschaften neue Baffen und Bertzeuge für einen felbständigen Biffenschaftsbau auszusuchen. Bas war da natürlicher, als daß man die verschiedenen Gestaltungen der Bebantenwelt bes griechischen Alterthums von Reuem als Inbegriff bes philosophischen Erkennens und als Richtschnur bes Lebens aufftellte, nur bereichert und im Einzelnen rectificirt burch die neuen Entbedungen in ben Raumen bes Sim mels und der Erde? Wir haben gesehen, wie bereits am Ende des sechzehnten Jahrhunderts der Italiener Bruno, von mathematischen und astronomischen Studien ausgebend burch eine neue Raturphilosophie ben Dualismus amifchen

Bott und Belt, Beift und Materie auszugleichen versuchte und feine Rubnheit mit bem Flammentod buste (IX, 941). Schon im funfzehnten Sahrhundert, als Copernicus die Belt bes Scheines mit gewaltiger Sand zerschlug und bie Beifter fo machtig aufregte, hatte ber uns befannte Cardinal Nicolaus Cufanus (VIII, 277) Bischof von Brigen eine Gottes. und Beltlebre aufgestellt, die auf fleptischen und nipftischen Grundformen berubend zu abnlichen Resultaten und Speculationen gelangt mar, wie fie ein Jahrhundert spater in ben Schriften Bruno's vorgetragen wurden: allein in jenen Tagen ber Morgenrothe bes Sumanismus und ber unbefangenen Singebung ber boberen Beiftlichkeit an Die Studien bes Alterthums und an eine bon ber Rirche emancipirte Beltweisheit erregten die lateinisch geschriebenen Berte des geiftlichen Theosophen und Naturweisen weniger Unftog als in den Tagen reformatorisch-protestantischer Rampfe die meistens in italienischer Sprache abgefaßten Schriften Bruno's. Daß Italien. die Pflangftatte des Sumanismus, nicht unberührt bleiben wurde von der geiftigen Sturm- und Drangperiode bes fechzehnten Jahrhunderts war naturlich; aber bei ber rafchen Lebendigkeit bes Bolles gerieth ber Forschungsgeift leicht ins Schrantenlose, Unhaltbare und Schwarmerifche. Giordano Bruno war ein Bruno 1550—1600. mit ungewöhnlichen Gaben und Renntniffen ausgerufteter Mann von bichterischen Anlagen, ber bem Dominicanerorden entflohen ein bewegtes Banderleben führte und zulett als er nach mancherlei Schickfalen in Genf, Baris, London und Bittenberg zu Babua philosophische Borlefungen zu balten magte, bon ben Benetianern ber romifchen Inquifition ausgeliefert ward, die ihn nach zweijab. rigen Rerferleiden öffentlich verbrennen ließ, auf dem Campofiore, da wo in unfern Tagen bas geeinigte Stalten bem Martyrer ber miffenschaftlichen Ueberzeugung und ber freien Forschung ein Denkmal feste. Fußend auf ber Lehre des Blatoniters Ricino, daß die Gottheit in gahllosen Formen ober Seelen über bas Beltall ausgegoffen fei, bat Bruno alle biefe Seelen in Gine aufammengefaßt, in die Seele ber Belt; fie ift Berftand (Intelligeng, Geift), Seele und Rörper ju gleicher Beit, ift Gott und Ratur mit einemmal. Seine Lehre, bag die Belt (bas Universum) als die geschaffene Ratur Gins fei mit ber Gottheit als der schaffenden, und beibe ewig und unvergänglich, ist eine geistreich entwidelte und mit Rraft und Barme vorgetragene Erneuerung des althellenischen Bantheismus. Bu gleicher Beit wurden auch die übrigen philosophischen Spfteme bes Alterthums in verjungter Geftalt vorgetragen, ber Stoicismus burch Juft us Lipfius, ber Epicureismus mit feiner materialiftischen Beltanschauung burch Baffenbi, ber Stepticismus in milberer, popularer form burch Montaigne und durch ben Beiftlichen Charron, ber wie Leffing, "bas Suchen ber Bahrbeit, die in Gottes Schoof mohnt", als die Aufgabe des Menschen und die Begranzung bes forschenden Beiftes aufstellte. Aristoteles wurde als bas haupt ber tatholifden Schulphilosophie, als "bie gottlofe Behr ber Papisten" Anfangs bon ben reformatorischen Begrundern bes neuen Beisteslebens bermorfen und

fteben bei ihnen im Dienfte bes Berftanbes und unter ber Bucht fritifcher Grundfage. Ein natürlicher Aufschwung der Seele, ein inneres Schauen gelten ihnen als Gigenfcaften, die nur durch Unwendung des Bugels zwedmäßig gebraucht werden tonnen. Begafus muß von Berftand, Rritit und Regel gelentt und geleitet werben; Reflegion, Studium und afthetische Bildung find die Schule und Lehrmittel des Dichters. Parnaß erschwingt man nicht mit dem Auge des Sehers, man erreicht ihn durch muhfames Auffteigen mittelft zwedmaßiger Gulfsmittel. Es war gleichfam eine Reaction gegen diese conventionellen Geschmadbregeln, gegen diese "Unterhaltungen des Biges und Berftandes", daß fich am Ende des Sahrhunderts eine Fluth von Feenmarchen aufthat, die nach dem Borbilde der orientalischen Erzählungen "Tausend und eine Racht" ber freien Ginbildungefraft ihr Recht ju vindiciren fuchten. Um befannteften waren "die Marchen meiner Mutter Gans" von dem genannten Rarl Berrault, dem Berfechter der modernen Literatur im Bergleich mit den Alten, und die "bier Fatardine" des Grafen Anton von Samilton. Meistens von Damen cultivirt (La Force, d'Annop u. a.) wurden die Feenmarchen mit ber Beit zu padagogischen 3weden ausgebeutet. Selbft Benelon hat für die Erziehung des Bergogs von Bourgogne folde Spiele der Phantafie gefdrieben.

## II. Philosophie.

### 1. Cartefius, Beuling und Malebranche.

Das Suchen Bahrheit.

Die moderne Gesammtbildung ging zunächst aus dem Bestreben hervor, nach über-natürlicher Die Geffeln abzuftreifen, welche Das Mittelalter Der freien menschlichen Entividelung auf allen Lebensgebieten angelegt, mit ber Tradition zu brechen und auf bas Ursprüngliche zurudzugeben. Rachbem die Naturwissenschaft und Aftronomie fich von den firchlichen Banden befreit, die Reformation gegen den Dogmatismus ber Scholaftif Protestation erhoben, suchte der bentende und forschende Beift auf neuen Begen, ohne fich an die Boraussehungen einer geoffenbarten Bahrheit, einer positiven Biffens, und Glaubensnorm zu halten, zu einer boberen Ertenntniß über das Universum, ju einer weiteren und freieren Beltweisheit emporausteigen. Copernicus und seine Rachfolger hatten die mittelalterige Gebundenheit der Beltanschauung in ihrer außern Erscheinung gerriffen, durch die Reformatoren war bas firchliche Glaubensspftem erschüttert worden; nun galt es junachft aus bem Borrathshause geiftiger Arbeiten und Errungenschaften neue Baffen und Bertzeuge für einen felbständigen Biffenschaftsbau auszusuchen. Bas war ba natürlicher, als bag man bie verschiedenen Gestaltungen ber Bebankenwelt bes griechischen Alterthums von Reuem als Inbegriff des philosophischen Erkennens und als Richtschnur bes Lebens aufstellte, nur bereichert und im Einzelnen rectificirt burch die neuen Entbedungen in ben Raumen bes Simmels und der Erde? Wir haben gesehen, wie bereits am Ende des sechzehnten Jahrhunderts der Italiener Bruno, von mathematischen und aftrononuschen Studien ausgebend durch eine neue Naturphilosophie den Dualismus zwischen

Gott und Belt, Geift und Materie auszugleichen versuchte und feine Rubnheit mit dem Flammentod buste (IX, 941). Schon im funfzehnten Jahrhundert, als Copernicus die Belt bes Scheines mit gewaltiger Sand zerschlug und bie Beifter fo machtig aufregte, hatte ber uns befannte Cardinal Ricolaus Cufanus (VIII, 277) Bischof von Briren eine Gottes, und Beltlehre aufgestellt, Die auf feptischen und ninftischen Grundformen beruhend zu ahnlichen Resultaten und Speculationen gelangt mar, wie fie ein Sahrhundert fpater in den Schriften Bruno's vorgetragen wurden: allein in jenen Tagen ber Morgenrothe des humanismus und der unbefangenen hingebung der höheren Beiftlichkeit an Die Studien des Alterthums und an eine von der Rirche emancipirte Beltweisheit erregten die lateinisch geschriebenen Berte bes geiftlichen Theosophen und Naturweisen weniger Anftog als in ben Tagen reformatorisch-protestantischer Rampfe die meistens in italienischer Sprache abgefaßten Schriften Bruno's. Daß Italien, die Bflangftatte des Sumanismus, nicht unberührt bleiben murde von der geiftigen Sturm- und Prangperiode bes fechzehnten Jahrhunderts war natürlich: aber bei ber rafchen Lebendigkeit bes Bolkes gerieth ber Forschungsgeist leicht ins Schrankenlose, Unhaltbare und Schwarmerische. Giordano Bruno war ein Bruno 1550—1600, mit ungewöhnlichen Gaben und Renntniffen ausgerüfteter Mann von bichterischen Anlagen, ber bem Dominicanerorben entfloben ein bewegtes Banderleben führte und zulest als er nach mancherlei Schidfalen in Genf, Paris, London und Bittenberg zu Padua philosophische Borlesungen zu halten magte, von den Benetianern der romischen Inquisition ausgeliefert ward, die ihn nach zweijab. rigen Rerferleiden öffentlich verbrennen ließ, auf dem Campofiore, da wo in unfern Tagen bas geeinigte Stalien bem Marthrer ber wiffenschaftlichen Ueberzeugung und ber freien Forschung ein Denkmal feste. Fußend auf ber Lehre bes Blatonifere Ficino, daß die Gottheit in gahllosen Formen oder Geelen über bas Beltall ausgegoffen fei, bat Bruno alle biefe Seelen in Gine gusammengefaßt, in die Seele der Belt; fie ift Berftand (Intelligenz, Geift), Seele und Rörper ju gleicher Beit, ift Gott und Natur mit einemmal. Seine Lehre, daß Die Belt (bas Universum) als die geschaffene Ratur Eins sei mit der Gottheit als ber ichaffenden, und beide ewig und unverganglich, ift eine geiftreich entwidelte und mit Rraft und Barme vorgetragene Erneuerung des althellenischen Bantheismus. Bu gleicher Beit murben auch die übrigen philosophischen Shiteine bes Alterthums in verjungter Geftalt vorgetragen, ber Stoicismus durch Juftus Linfins, ber Epicureismus mit feiner materialiftifchen Beltanschauung burch Saffendi, ber Stepticismus in milberer, popularer Form burch Montaigne und durch ben Geistlichen Charron, der wie Teffing, "das Suchen der Bahrbeit, die in Gottes Schoof wohnt", ale die Aufgabe des Menschen und die Begranzung bes forschenden Beiftes aufstellte. Ariftoteles wurde als bas Saupt ber tatholifden Schulphilosophie, als "bie gottlofe Behr ber Papiften" Anfangs von ben reformatorischen Begrundern bes neuen Beifteslebens verworfen und

befampft, dann aber bon den Subtilitäten und Entftellungen der Scholaftit

befreit wieder in seine Rechte eingesetzt. Alle diese Restaurationen antiker Denkformen und Philosopheme gaben Zeugniß von dem Berlangen der damaligen Welt, aus der erstarrten Scholastist zu einem neuen Leben aufzusteigen, von dem Durst der Seele nach dem frischen Born der Erkenntniß. Zu diesen vorbereitenden und neue Wege suchenden Geistern darf auch der Dominicaner Thomas sampanella Campanella Campanella Campanella dus Calabrien gerechnet werden, der den Bersuch, neuen Wein in alte Schläuche zu sassen, indem er politische und sociale Resormen auf dem Grunde der Rirchenlehre und des Papismus aufbauen, aus dem Grabe des spanischen Absolutismus und der abgestorbenen Mönchsteligion Mettung bei einer unbeschränkten und allmächtigen Weltherrschaft des Pontificats suchen wollte, mit vielzährigem Gefängniß in Reapolitanischen Kerkern, mit Verfolgung und Exil büßen mußte, dis ihn der Tob in Paris von allen Leiden erlöste.

Das Dafein Gottes aus der Gewißheit der eigenen Egiftenz beweifend, fieht Cams panella in der Belt ein lebendiges Abbild der mit ben "Brimalitaten" Dacht, Beisheit und Liebe ausgestatteten unendlichen Gottheit, welche ihr Befen und Sein in den Beltraum und in die vergänglichen Dinge ausgießt und wie ein erquidender Regen in ber Bflanzenwelt alles Creaturliche mit Leben und Freude füllt. Bon diefem Grundpringipe ausgebend machte Campanella den Berfuch, eine Theorie der Erkenntniß aufzuftellen, eine fpftematifche Gliederung alles Biffens zu begrunden. Unter feinen jablreichen Schriften, von benen er die meiften im Befangniß verfaßt bat, ift am betannteften "ber Sonnenstaat", ein lateinisch in Dialogform geschriebenes 3bealbild eines Staats nach Art der platonischen Republit oder der Utopia von Thomas Morus. Die platonische Doctrin von der Herrschaft der Philosophen nimmt bei Campanella die Beftalt einer Priefterherrichaft unter ber Suprematie des Bapftes an, der bie weltlichen Bewalten untergeordnet fein mußten. In dem Ropfe des Dominicaners bewegte fic eine eigenthumliche Belt voll fühner großartiger Gebilde und feltfamer halb mpftifcher halb trivialer Traumereien. Auch philosophische Gedichte hat Campanella berfaßt, bon benen Berber eine Angahl als "Seufger eines gefeffelten Prometheus aus feiner Rautafushöhle" in der Abraftea ins Deutsche übertragen hat.

Cartefius 1596-1650.

Auf solchen Stufen und Grundlagen wurde der Bau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aufgeführt und zwar gleichzeitig in der doppelten Richtung des Mealismus und Idealismus durch Bacon von Berulam und durch René Descartes. Bon dem englischen Staatsmann und Philosophen, dem Begründer des Realismus haben wir früher gehandelt (S. 263 ff.). Auf entgegengesetzem Standpunkte steht René Descartes (Cartesius) einem altsranzösischen Seschlechte in Touraine entsprosen. Obwohl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angehörend und in einem Zesuitencollegium erzogen fand der philosophische Denker doch, als er nach mehreren Bandersahren und Kriegsbiensten in Deutschland und gegen die Hugenotten sich ausschließlich den Studien und Bissenschaften widmete, daß die klerikal-absolutistische Atmosphäre seines Baterlandes für seine geistige Entwickelung nicht geeignet sei; er soll gesagt haben, die Lust von Paris verhindere das abstrakte Denken. Er nahm seinen Aufenthalt in Amsterdam, wo er fern vom Gewühle des commerciellen

Treibens feine meiften Schriften verfaßte, sowohl die Abhandlungen in frangofiider Sprache, "philosophische Effaps" genannt, als bie zwei lateinischen Sauptwerfe: »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unb »Principia philosophiae«. 3m Jahre 1649 folgte er einem Rufe ber Ronigin Christine nach Stocholm. In diefer Stadt bes Nordens fand er nach einigen Monaten seinen Tod, seine Gebeine wurden in ber Folge nach Paris gebracht und in ber Genovefakirche Descartes tannte die philosophischen Lehrmeinungen des Alterthums aber unbefriedigt bon ben Resultaten fcblog er fich an tein Spftem unbedingt an; in fo fern durfte er mit Recht die Ehre ber Originalität in Anspruch nehmen, Dabei ift jedoch nicht zu verkennen, daß er auf die er fo großen Berth legte. von fremdem Gute fich Manches angeeignet hat, aber die Art wie er es verwerthete, wie er die Gedankensplitter Anderer mit den Gebilden des eigenen icopferischen Beiftes zu einem fühnen und großartigen Lehrgebaude geschickt und harmonisch zu verbinden verstand, hat ibm den verdienten Rubin eingetragen, als Bater ber modernen Philosophie gefeiert zu werden.

Descartes begann mit dem Bweifel: "Alles was die denkende Bernunft nicht geprüft hat, find Meinungen, die wir entweder unter dem Ginfluß der Erziehung, unter fremder Autorität oder unter dem Cindrud der Sinne aufgenommen haben. Dithin durfen wir folche Meinungen nicht als Erkenntniffe betrachten, denn wir haben keine Burgicaft dafür, daß fie mahr find". Bon allen folden übertommenen Meinungen fic durch fuhne Steptit losmachend suchte er nach einem Fundamente zu einem neuen Da ftellt fich ihm der 3weifel felbft als ein Grund- und Edftein Lehrgebäude. dar, die Gewisheit des Zweifels gilt ihm als feststehend; wo aber Zweifel ift, ift Denten und Schftbewußtsein. Bon diesem Denken und Selbftbewußtsein ausgehend schließt Cartefius, in folgerichtigem logisch-mathematischen Gedankengang, auf die Egisteng der denkenden Substang, der Seele mittelft des berühmten Sages: "Ich denke, alfo bin ich" (cogito ergo sum). Bas nun dieser benkenden Substanz, der Seele oder dem Beift als Klar und deutlich Gedachtes innewohnt, muß wahr sein. Dahin gehört vor Allem die Idee von einem bochften volltommenen Befen, die eine angeborne fein muffe, da nicht der unvolltommene Menfc, sondern nur Gott selbst der Urheber davon sein tonne. So folgert denn der Philosoph aus dem Borhandensein der Borftellung von einem absolut bolltommenen Befen in ber menschlichen Seele die Erifteng eines folden Besens, ohne welche die Borstellung nicht möglich wäre. Aus der ber Seele eingebornen 3bee Gottes fchlieft er auf bas Dafein Gottes und aus dem Bewußtfein ber Endlichkit des eigenen 3ch auf die Birklichkeit einer unendlichen Substang. Und wie er aus einer der Seele eingebornen Borftellung ober Idee die Existenz Gottes beweift, so aus den übrigen Ideen der Dinge, die wir flar und deutlich ertennen, die wirkliche Egistenz auch diefer. Den Begenfat zu der denkenden Substanz bilden die forperlichen Substanzen, welche Descartes aus einer Urmaterie fich entwideln laßt, die nichts anders sei als bie reine in Thatigleit begriffene Ausbehnung. Geift und Materie find ihm gang beterogene Befen, die nicht auf einander einwirken können, eine dualistische Belt ohne Mittelftufen und Berbindungsglieder. Aut durch eine fortwährende Affistenz oder Beihülfe Gottes laffe fic der Busammenhang zwischen torperlichen und geistigen Erscheis nungen, eine Bechfelbeziehung zwifden Leib und Seele erflaren. "Gott ift das Pringip der objektiven Erkenninis und der materiellen Bewegung; er ift für den Beift die an-

geborne Idee, die ihm die objektive Existen, klar macht; er ift für die Materie das primum movens, bas in der Rorperwelt Bewegung erzeugt". Diefe Reime wurden von den Cartefianern Geuling und Malebranche weiter ausgebildet und durch die nabere Bestimmung der Mitwirtung Gottes das System des Meisters einer neuen Entwidelung entgegengeführt.

Der Berfuch des frangofischen Philosophen, alle Erscheinungen ber Rorperwelt lediglich aus ber Bewegung ber phyfischen Bestandtheile mittelft Drud und Stoß zu erklaren, erschütterte die bisberige Anficht, welche für jede Erscheinung befondere Qualitaten und Rrafte annahm, aufs Gewaltigfte; nach feiner mechanischen Raturphilosophie ("Corpuscularphilosophie") mar die Causalitat und der innere Pragmatismus bas höchfte Gefet, eine mechanische Naturnothwendigkeit bas höchfte Pringip. Go bilbete Descartes eine Lehre aus, "welche burch ihren Begenfat gegen die damals verbreitetsten Aufichten ber philosophischen Schulen, die Doctrinen über die verborgenen Qualitaten, die Endursachen, das Leere, durch ben Scharffinn ihrer Ausführung und ihre rationalistische Tendenz ein fehr wirtsames Ferment ber geistigen Bewegung ber neueren Sahrhunderte geworden ift " In bem einsamen Landhause zu Amsterdam fand Descartes eine fichere Freistätte für feine weltbewegende Philosophie, wie fie ibm in Baris unter ben Augen der Sorbonne und bes Pater Joseph, "bes icharfen Bachters der Rechtglaubigfeit" nie zu Theil geworden mare. Denn wie vorsichtig immer ber frangöfische Beltweise gegenüber ber Rirchenlehre fich verhielt, wie febr er ber "geoffenbarten Bahrheit seine Reverenz machte": eine Philosophie, welche an die Spike ben Bweifel an der Bahrheit aller überlieferten Gape ftellte, welche einen Gott lehrte, ber bei ber Beltichopfung und Beltregierung nicht nach 3weden handelt, sondern nur das Gefet der Causalität reprafentirt, welche die bisherigen Beweise bom Dafein Gottes nicht anerkannte, welche eine Bewegung ber Beltkorper aufstellte, wonach die Rotation berfelben um die Erde als eine Unmöglichkeit erschien, hatte weder bei ber Rirche noch bei ber Regierung auf Dulbung und Beltung rechnen durfen. Burbe boch unter Ludwig XIV. ein formliches Berbot über bie cartesianische Lehre ausgesprochen, nachdem biefelbe bereits als Rundament und Edftein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in ber gangen Culturwelt Anerfennung gefunden.

Cartefius

Auch die Geometrie verbankt dem frangofischen Philosophen eine ungemein fruchtund die Das Entbedung. Durch feinen gludlichen Gedanten, in ausgedehnter Beife nach einer Frankreich neuen Methode die Rechnung auf Raumgebilde anzuwenden, erhielt diefe Biffenfcaft eine unverhoffte Bereicherung, die im Laufe ber Beit eine vollige Umgeftaltung berbeiführte. Die bis dabin getannten Sage murden unter allgemeine Gefichtspuntte gebracht und neue Bahrheiten erfchloffen fich der Forfchung. So einleuchtend auch die Fruchtbarteit von Descartes' Entbedung war, fo fand diefelbe doch nicht fofort allgemeine Anerkennung und Berbreitung. Das Wert über die Geometrie mar buntel und turg gefdrieben, fo daß einem allgemeinen Berftandniß fich Sinderniffe in ben Beg ftellen mußten. Selbst unter ben Mannern der Biffenschaft hatte Descartes Gegner, die seine Entdedung theils aus Untenninis, theils aus Reid befampften. Aber auch eifrige

Anbanger und gelehrte Commentatoren fand die Cartefiche Geometrie, unter denen in Frankreich ein Freund und begeifterter Berehrer des Philosophen, Florimond de Banue Die eifrigften Bertheidiger und Ertlarer fand bes Cartefius Geometrie in Solland. hier wirtte in diefem Sinn der Lepdener Profeffor ban Schooten, ferner ber uns burch fein tragifches Ende bekannte bollanbifche Staatsmann Jan de Bitt, der die Beit, die ihm die Staatsgeschafte übrig ließen, gern den mathematischen Studien widmete; endlich Jan Sudde, Burgermeifter von Amfterdam. Auch ber Mechanit, welche bamals durch Galifeis Entbedungen auf eine neue Stufe einporgehoben war, und deren Sage einen lebhaften Meinungsaustaufch unter ber Gelehrtenwelt bervorgerufen hatten, mandte Descartes die Ticfe feines Forschungsgeistes zu. Aber wenn man auch hier die Rubnheit feiner Bedanten bewundern muß, fo ift boch auf der anbem Seite nicht zu bestreiten, bas philosophische Speculationen ihm vielsach ben offenen Blid auf Borgange ber Ratur getrübt haben. Und nachdem Galilei durch nüchterne Raturbetrachtung, verbunden mit wunderbar mathematischem Scharfblid die Besetze ber Bewegung ertannt hatte, war Descartes' Rudtehr zu metaphhfichen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Bewegung ein Rudschritt, wenn auch im Sinzelnen manche Erweiterung der Kenntniffe ibm zu berdanten ift. Auch nach einer phififchen Erklarung ber Bewegung der himmelstörper hat Descartes geforscht; er hat darüber eine Anficht aufgestellt, die obwohl geiftreich und tieffinnig, boch nicht ju einer völlig befriedigenden Ertlarung ber Borgange führen tonnte, und baber bald in Bergeffenheit gerathen ift. Descartes ftellt fic das ganze Beltall vor als schwimmend in einer atherischen Flüffigkeit, die in einer wirbelnden Bewegung begriffen ift. Im Mittelpunkt diefes Birbels befindet fich die Sonne, die in freilich unerklarbarer Beife als die fortwirkende Urfache diefer Birbelbewegung anzusehen ift. Durch diese Birbel werden die Blaneten in ihren Bahnen fortgeriffen. Diejenigen Planeten, die wie die Erde noch von Trabanten umtreift find, find demnach als Mittelpunkte von fleineren Birbelbewegungen zu betrachten, welche felbft wieder in bem großen Birbel mit bahingeriffen werden. Diefelbe Borftellungsweise dient Descartes zu einer Erffarung der Schwertraft, und bennoch hat auch er, wie bor ihm icon Rebler, die Bleichheit ber Urfache ber Schwerfraft und ber Blanetenbewegung geahnt, die später durch Rewton so glanzend nachgewiesen wurde.

Ein Beitgenoffe und theilmeife Gegner von Descartes mar Beter Fermat, ein Mann Fermat. von seltener Tiefe des Beiftes in Fragen der reinen Mathematit, der als Rath am Barlament zu Louloufe in feinen Mufestunden fich mit wiffenschaftlichen Studien befonders aus bem Gebiete ber Mathematit beschäftigte, und babei jum Entbeder bon Bahrheiten wurde, die zu den tiefverborgenften der Biffenschaft gehoren. Es ift besonders der Theil der Mathematit, deffen Aufgabe die Erforschung der Eigenschaften ganger Bablen ift, in welchem Fermats Große liegt. Seit ben Beiten bes alten Diophant war in diesem Bebiet ein wesentlicher Fortschritt nicht gemacht worden. Fermat hat mit forschendem Beift diefes fcwierige Feld bis in feine Tiefen burchdrungen, und daraus Schape geforbert, die auf Jahrhunderte hinaus der Rachwelt ein Rathsel blieben, und die selbst die heutige Biffenschaft noch nicht nach allen Seiten bin vollständig begriffen und erfopft hat. Denn Fermat hat seine Entbedungen nicht in einem ausgearbeiteten Berke beröffentlicht; die meisten seiner Sape fanden sich als handschriftliche Anmertungen in feinem Egemplar des Diophant und wurden erft nach feinem Tode bekannt gemacht. Andere ftellte er nach damaliger Sitte den gachgenoffen als Probleme bin, an denen

jene ihren Scharffinn barthun follten.

Die Cartefianifche Lehre mar ein ju machtiger Schlag in bas gefammte Beiftes. Begner leben der Beit, als daß nicht in jener Periode der Gahrung und des Kampfes fich viele teffus. Stimmen für und wider hatten vernehmen laffen follen. Abgefehen von den Apologeten

der tatholischen und protestantischen Theologie und den unbedingten Aristotelikern haben auch namhafte Forfcher, wie der uns bekannte Bobbes (S. 268 f.) und der um die Korberung ber mathematischen und aftronomischen Biffenschaft bochberdiente Gaffendi von naturaliftischem Standpunkte aus Einwurfe gegen den Cartefianischen Dogmatismus erhoben. Und felbft Blaife Bascal ift, abweichend von Arnauld und anderen Sanfeniften des Bort-Royal, gegen die Grundgedanken feines Beitgenoffen in die Schranken getreten. Die meifte Anfechtung fanden Descartes' mathematifche und phyfitalifche Anfichten. In jener Beit des Schaffens und Berbens, der revolutionaren Auflehnung gegen alles Erabitionelle waren Streitigkeiten unter ben gachgenoffen an der Tagesordnung ; aber nicht immer war es ber reine Erieb nach Babrheit, fondern haufig perfonliche Ciferfucht und Reib, mas die Gemuther erhipte; weit öfter war die Prioritat einer Entbedung mehr als die wiffenschaftliche Behauptung felbft Gegenstand des Streits und der Anfeindung.

Geulinr unb Rales

Beit größer war indeffen die Bahl berjenigen Gelehrten, welche fich zu dem branche. Cartesianischen Spftem bekannten ober auf beffen Grund weiter bauten. Der icarfe Dualismus zwischen Geift und Rorper, wodurch die thatfachlic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psychischen und somatischen Borgangen felbft unter Annahme gottlicher Beihulfe unerflarlich blieben, tonnte nicht verfehlen Bedenten und Biderfpruch zu erregen. Diefen zu beben und auszugleichen bericharften bie Cartefianer Geuling und Dalebranche die Mitwirfung Gottes bei dem Lebensprozeß; jener indem er lehrte: "Gott habe die menschliche Natur so eingerichtet, baß Seele und Leib zwar in gar feinem unmittelbaren Bufammenhang fteben, daß aber in jedem ber beiben Theile in jedem Augenblick gang Dieselben Beränderungen bor fich geben, welche barin borgeben murben, wenn fie wirflich auf einander einwirkten", und damit den sogenannten "Occasionalismus" begrunbete, welcher einen continuirlichen Aft Gottes, ein "Bunber" flatuirte: "bei Belegenheit bes leiblichen Borganges rufe Gott in ber Seele bie Borftellung hervor; bei Gelegenheit des Bollens bewege Sott den Leib"; Malebranche bagegen, Priefter bes Dratoriums suchte bas bualiftische System bes Descartes baburch auszugleichen, bag er bie forverlichen und geistigen Substanzen, bie biefer getrennt und felbständig neben einander bestehen ließ, durch eine thätigere Einwirfung Gottes, welche die Einheit ber Dinge und bes Denkens fei, in Bechselbeziehung feste; "nur Gott tonne ber Spiegel fein, in dem wir die Rorperwelt feben, nur bon ibm tonne unfer Rorper in Bewegung gefest merben". Er tam ju bem Resultate: "bag wir alle Dinge in Gott fchauen, der ber Ort ber Beifter fei, indem wir Theil nehmen an feinem Biffen". Gottebertenntnif sei baber die höchste Beisheit und ein fittlicher Lebenswandel Die Rolge bavon.

Malebranche 1638-1715

So führte benn ber fromme mpftifc angelegte geiftliche Philosoph Ric. Malebranche in mehreren durch Elegang der Sprache und Darftellung ausgezeichneten Berten "über Erforichung der Bahrheit", "Abhandlung über Ratur und Gnade"; "metaphpfifche und driftliche Betrachtungen" u. a. die Cartefianische Lehre einen Schritt weiter, indem er Beift und Materie, Subjett und Objett in einer hoberen Substang zu verfohnen suchte, bie Gottheit aus ber Stellung eines Caufalpringips, bas nur gelegentlich bas Beben bet Universums in Gang erhält, zu dem einzigen Realgrund alles Seins und Denkens erhob. Aber sein mystischer Ibealismus, der in dem "Schauen in Gott" gipfelt, obwohl dem Offenbarungsglauben näher stehend als das cogito ergo sum seines Reisters, stimmte doch nicht ganz mit der theologischen Rechtgläubigkeit überein, daher auch er manche Ansechungen ersuhr. Roch weniger konnte die philosophische Speculation bei einer Lehre stille stehen, welche den Cartestanischen Gegensaß der Substanzen anerkennend eine unendliche Substanz jenseits der Welt als ein besonderes absolutes Wesen existiren ließ, in welchem alle Geister und alle Ideen wohnen, in welchem wir alle Dinge erkennen sollen wie das Auge die körperlichen Gegenstände im Lichte.

## 2. Spinoza.

Die Wiffenschaft mußte streben, die brei gesonderten Welten einheitlich du Spinoga 1632-1677. faffen, die Reime des Pantheismus, ber Immaneng Gottes in ber Belt, Die in Malebranche verborgen lagen, jur Entfaltung ju bringen, in der denkenden Beltvernunft die Einheit bes Universums zu begreifen. Auf diese hochfte Stufe ber Ausbildung wurde ber Cartefianische Ibealismus geführt burch Baruch (Benedict) Spinoga, ben Spröfling einer aus Portugal ftammenden in Umfterdam fefhaften jubifden Raufmannsfamilie. Bum Rabbiner bestimmt und in der Religionslehre bes Talmud unterrichtet mandte fich jedoch der ftrebfame wißbegierige junge Mann bald ab von ben engen Doctrinen ber Synagoge und flüchtete fich in bas weite Reich ber Speculation. Bon feinen Glaubensgenoffen wegen "ichredlicher Irrlehren" aus ber Gemeinschaft ausgeschloffen, felbft bom Meuchelmord bedroht, verließ Spinoza feine Baterftadt und führte ein einsames gurudgezogenes Leben, bald in biefer bald in jener hollandischen Stadt, seinen Unterhalt burch bas Schleifen optischer Glafer fich iverschaffenb, bis er im Saag am 21. Sebr. 1677 ftarb, erft fünf und vierzig Sahre alt. Ausgestoßen von ben Juben als abgefallener Sohn, gemieben von den Chriften, zu beren Gemeinschaft er nicht übertreten wollte, bat Spinoza in ftiller Berborgenheit fein folgenreiches Spftem ausgearbeitet, in welchem jum erftenmal ber Pantheismus in feiner ftrengen ungemilberten Gigenthumlichkeit fich geltend machte und ben olhmpischen Sig in ber philosophischen Beltanschauung ber neueren Beit erftieg, ein großartiges Lehrgebaude, worin mit folgerichtigem Beiste bargelegt wird, wie fich Alles mit mathematischer Nothwendigkeit aus Ginem oberften absoluten Grunde entwidele, ber freien Gelbftbeftimmung feinen Raum geftattenb. Ginfach, bedürfniflos und von ftrengfter Sittlichkeit in feinem Leben bat Spinoza in genfiafamer Selbstaufriebenheit jebe außere Abhangigkeit verschmabt, kein angebotenes Lebranit angenommen, alle Gefchente ober Bermachtniffe gurud. gewiesen.

Unter Spinoza's Schriften, sammtlich in lateinischer Sprache geschrieben und meistens erft nach seinem Tob herausgegeben, ift am bedeutendsten seine "Sthit nach geometrischer Methode", ein philosophisches Fundamentalwert, dem die "Darstellung der cartesianischen Philosophie", der "theologisch-politische Tractat" und einige Abhands

lungen und Briefe gur Borbereitung und Ergangung bienen. Diefes als "Ethit' bezeichnete Wissenschaftsgebäude behandelt in fünf Abtheilungen die Lehre von der Substanz oder Gott (Metaphpfit), von der Ratur und dem Urfprung der Seele (Bhpfit), von ben Affecten (Pfpchologie) und von der Macht bes Dentens ober der menfchlichen Freiheit (Cthit). Den cartefianifchen Gegenfag von Sein und Denten, von Beift und Korper verwerfend legte Spinoza einer höchften Substang, ber Gottheit, allein wirkliches unendliches Sein bei, mahrend bie endlichen Dinge nur Scheinfubstangen, nur Modi oder Attribute der der Gottheit innewohnenden unendlichen Ausdehnung und bes unendlichen Dentens feien. Die ewige absolute Substang, die Bereinigung von Gedanten und Rraft, ift sowohl die Ursache ihrer selbst als alles Einzelnen; fie ift das "All Eine und Allgemeine, welches in allem Befonderen und Individuellen fich felbft als in feinen naberen Bestimmungen und Bustanden darstellt", die innere (immanente), nicht äußere (transiente) Urfache der Gefammtheit der endlichen Dinge, der Erfcheinungswelt. "Alle Dinge find nur Modificationen, heißt es bei Beller, alle Borgange nur Birtungen ber Ginen Gubftang Gott und die Belt, die fcopferische und die geschaffene Ratur find Gin und basselbe, nur unter verschiedenen Gesichtspunkten betrachtet; was wir als Einheit Gott nennen, nennen wir als Bielheit, als Totalität aller feiner befonderen Erfcheinungsformen die Belt; was fich unserer Einbildungstraft unter ber Form ber Beit barftellt, das ertennt unser Denten unter ber Form ber Ewigkeit, als Ein ungetheiltes, unveranderliches, unendliches Befen, welches wir aber ebendeshalb nicht wieder in ein Einzelwefen verwandeln, nicht mit Cigenschaften, die nur endlichen Befen zukommen konnen, wie Berftand und Billen, begaben dürfen". Es gibt teine Bufalligteit fondern nur Rothwendigfeit, die in Gott mit Freiheit verbunden ift, weil er die einzige Substanz ift, deren Befen und Birten durch keine andere beschränkt oder bedingt wird. "Gott bewirkt alles Einzelne nur mittelbar, durch anderes Einzelnes, womit es in Causalnezus steht, es gibt kein unmittels bares Birten Gottes nach 3meden, tein Bunder und teine caufalitätslose menschliche Bwischen den Modificationen des Denkens und der Ausdehnung besteht tein urfachlicher Bufammenhang fondern eine durchgangige Uebereinftimmung, ein volltommener Parallelismus, darin begrundet, daß beide Attribute einer und berfelben Substanz find; daher trifft die Ordnung und Berbindung der Gedanken immer mit der Ordnung der ausgedehnten Dinge jufammen : "indem jeder Gedanke immer nur die Idee des jugehörigen Modus der Ausdehnung ift". Aber nicht alles Denten ift gleicher Art. Es gibt eine Stufenfolge in der Rlarheit und dem Berthe menfchlicher Gedanken von den verworrenen Borftellungen, der "inadaquaten Ertenniniß" bis ju der philosophischen oder adaquaten Ginficht, die alle Dinge unter bem Gefichtspuntte ber Emigkeit, mit Binficht auf die Substanz auffaßt. "Un das verworrene, am Endlichen haftende Borstellen knüpsen sich die Affekte und die Anechtschaft des Willens, an die intellectuelle Erkenntniß aber die intellectuelle Liebe Gottes, worin unfer Glud und unfere Freiheit liegt'. "Be volltommener ber Menfch ift, um fo abaquater werden feine Ibeen fein, um so weniger wird er statt klarer Begriffe von bloßen Einbildungen geleitet werden, um fo weniger wird er baber Leidenschaften unterworfen, um fo freier und gludfeliger In diefer Freiheit von Affecten, diefer Bernunftigkeit des Denkens und wird er fein. Bollens besteht die Sittlichkeit". Dazu führt aber nur eine reine Ertenntnis des gottlichen Befens, und mit diefer boberen Ertenntnis ift unmittelbar auch jene "intellectuelle Liebe jur Gottheit" gegeben, "in welcher die bochfte Bollfommenheit und Seligfeit bes Die höchste Seligkeit besteht alfo in der lebendigen Erkenntnis Menschen besteht". Sottes und unfer Glud und unfere Freiheit in ber beftandigen und ewigen Liebe gu Gott. Richt ein der Tugend beigegebener Lohn, sondern die Tugend felbst sei die Seligfeit.

Dies find die Umriffe und Grundlinien eines Spftems, das durch die Folge- Spinoga's wiffenfchaf richtigfeit seiner Gage und durch die enggeschloffene Beweisführung in die Bedan- liche Stels tenwelt aller Beiten machtig eingriff, bald jum Biderfpruch reigend, balb Bustimmung erzwingend. Es mar besonders die Stellung, die Spinoza gegenüber der Kirchenlehre und den politischen Ansichten einnahm, mas ihm bei Mit- und Racmelt icarfe Angriffe augog. Er erkennt in ber Sittlichkeit, Die mit ber Frommigfeit zusammenfällt, die Aufgabe ber Religion; ber Offenbarungeglaube und die firchlichen Dogmen find ihm nur eine unbollfommene, vorstellungsmäßige Korm, "fich ber allgemeinsten Bernunftwahrheiten bewußt zu werden." Dadurch trat Spinoza ber Theologie feiner Beit mit unerhörter Selbständigkeit gegenüber. "Er unterwirft ben Ursprung und ben Inhalt biblifcher Schriften ber unumwunbenften Rritit; er verbirgt es nicht, bag er in Lehren, wie die Menschwerdung Gottes, nur den baren Biberfpruch "bie Quabratur bes Birtels" au feben miffe, er entzieht mit bem Bunder, mit ber Perfonlichfeit Gottes und mit ber perfonlichen Fortbauer nach bem Tobe ber berrichenben Dentweise ihren gangen Boben, und er wehrt jede Einsprache mit bem Sage ab, daß es für die Religion auf wiffenschaftliche Bahrbeit gar nicht ankomme und daß fie nicht zur Richterin über diefelbe bestellt sei". Rlar und bestimmt vertheidigt er die unbeschränkte Freiheit der religiösen und ber wiffenschaftlichen Ueberzeugung. Beifte, beift es bei Beller, find auch Spinoza's politische Grundfate gehalten: "Bunachft zwar stimmt er mit Hobbes barin überein, daß das natürliche Recht des Menschen so weit reiche, als seine Macht, und daß ber Raturzustand eben beshalb ein allgemeiner Rriegszuftand fei, aber bas richtige Mittel, um aus biefem Buftande berauszukommen, erkennt er nicht im Despotismus, fonbern in einem gefeglich geordneten und auf der freien Buftimmung der Staatsburger rubenden Gemeinwefen". Auch das Recht der Obrigkeit sei eben fo begrenzt wie ihre Macht; diese finde aber ibre Grenze an ber menschlichen Ratur ber Staateburger, welche nicht ungeftraft verlett werben konne, wenn nicht die Revolution naturgemäß und dann auch be-Demnach verlangt er wie in firchlichen Dingen Tolerang rechtigt werden solle. so für bas staatliche Leben politische Freiheit. Wenn aber Orthodoge und Abfolutiften au allen Beiten gegen ben Urheber pantheiftifcher Beltanschauung und eines auf Raturrecht und Raturnothwendigfeit beruhenden Staats- und Gefellichaftslebens zu Felde gezogen find, fo haben bagegen alle freieren Beifter ben großartigen charaftervollen Denter in Spinoza erfannt. Begeiftert ruft Schleiermacher in feinen Reben über Religion aus: "Opfert mit mir ehrerbietig eine Lode ben Manen bes beiligen verstoßenen Spinoza. Ihn durchdrang der bobe Beligeift, das Unendliche war fein Anfang und Ende, bas Univerfum feine einzige und ewige Liebe, in beiliger Unschuld und tiefer Demuth spiegelt Er fich in der ewigen Belt und fah ju, wie auch Er ihr liebenswürdiger Spiegel mar; voller Religion war er und voll heiligen Geistes; und barum steht Er auch ba

allein und unerreicht, Meifter in feiner Runft, aber erhaben über die profane Bunft, ohne Sunger und ohne Burgerrecht".

# III. Deutsche Wiffenschaft und Dichtung.

#### 1. Allgemeines.

Das protes

Bir haben am Ausgang des vorigen Bandes die Buftande tennen gelernt, fant, und bas tathos die nach der Beendigung des dreißigjahrigen Krieges und nach dem Abschluß des Deutschland.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im beutschen Reich und in der deutschen Nation obwalteten. Benn unter fo traurigen Berbaltniffen bas geistige Leben nicht ganglich erlosch, wenn das deutsche Bolk nicht hoffnungslos auf das Grab seines vergangenen Gludftandes binfchaute, vielmehr alle Rrafte anftrengte, um aus bem allgemeinen Schiffbruch noch einige Guter zu retten, auf den Ruinen ein neues Dasein zu schaffen, mit bem wirthschaftlichen Aufbau auch die Culturelemente wieder zu sammeln und zu einem neuen Palladium zu gestalten, so barf man in diefem Bestreben einen Beweis erbliden bon der fraftigen Ratur und dem ungebrochenen Lebensmuthe ber beutschen Ration. Freilich haben wir teine fo glanzenden Trophäen aufzuweisen, wie das große Nachbarvolt, das in den Tagen, da rechts bom Rheine die nationalen Guter zerschlagen und zerstreut wurden, die seinigen sammelte, mabrte und mehrte; bennoch bat auch die deutsche Runft und Biffenschaft nicht gefeiert, und neben den entlehnten Schagen auch manches eigene Rleinod zu Tage gefordert und auf den Markt geliefert. Daß das geistige Suchen und Schaffen fich fast ausschließlich in den Ländern zeigte wo die Reformation Burgel gefaßt hatte, erklart fich aus ber natürlichen Nachwirtung jenes mächtigen Ereigniffes auf bas gefammte Geiftesleben, aus ben Anregungen, welche die Gedankenthätigkeit durch basselbe empfangen, aus ben neuerweckten Gefühls- und Empfindungefraften, ju benen es die Impulse gegeben. 3m Begensat ju bem poetischen Schaffen bes Mittelalters, bas feine Sauptfige im füblichen Deutschland, am Rhein und an der Donau gehabt hatte, nimmt die neuere Poefie, sowohl die selbständige religiose als die entlehnte und nachgeahmte weltliche Dichtung, ja auch die philosophische Biffenschaft in ben nördlichen Staaten, in Schlefien, Sachfen, Brandenburg ihre Bohnftatte; wo im Guden literarifche Bersuche gemacht werben, haben sie ihren Ausgang in protestantischen Landern, in der calvinischen Pfalz und in dem lutherischen Burtemberg, ein neuer Beweis, daß die Reformation eine That des germanischen Geistes war, daß der Bergschlag ber tatholischen Welt einer anbern Richtung folgte. Zwar hat auch die proteftantische Rirche dem freien Geiste häufig genug Schranken gezogen, jede Regung mit mißtrauischem Auge im Spiegel der dogmatischen Rechtgläubigkeit betrachtet, jede Toleranz und religiöse Weitherzigkeit beharrlich zurückgewiesen; doch aber hat durch die Berwerfung des papstlichen Supremats und der firchlichen Autorität die

protestantifche Menfcheit die Teffeln gesprengt, welche die Geifter gefangen bielten. Bie febr Beiftlichkeit und Regierung die freie Bewegung zu bemmen, mit inquifitorischer Strenge die schmale Bahn confessioneller Orthodoxie einzuhalten bemuht maren: ber geistige Banu mar gebrochen, bas Pringip ber freien Forichung in Glauben und Biffen errungen; ber Strom des inneren Lebens tonnte eingebammt und verzögert, nicht mehr aber jum Stillftand ober in rudlaufigen Bluß gefest werden. Benn in ben Tagen, ba man in Frankreich bie calvinische Regerei mit barbarifden Dagregeln auszurotten und in England mit Sophistit und Eidbruch den reformirten Rirchenbau zu untergraben suchte, ein Beibnig den conciliatorischen Gebanten einer Bereinigung aller Confessionen fassen, unter ben Radwirtungen triegerischer Berftorungswuth eine "Theodicee" schreiben und im Beltgangen eine von Gott gefette "praftabilirte Barmonie" erbliden tonnte, fo gibt dies wahrlich ein ebles Beugniß von der idealen Ratur des deutschen Boltes und bon dem hoffnungsreichen Glauben an eine bobere Borfebung und an ein Fortidreiten ber Menschheit im Suchen und Ergreifen ber Bahrheit. Dem genialen Philosophen war es nach feiner optimistischen Anschauung undentbar, daß eine Belt, in welcher die Einzelwefen, die untheilbaren Gubstangen ober Monaden, bie Gottheit ober die Urmonade abspiegelten, bon der fie ausgegangen, und fich, wenngleich mit verschiedenen Qualitaten und Ertenntnigfraften ausgeruftet nach ben von Anbeginn beftimmten Gefegen ber Rothwendigfeit und Caufalitat bewegen und entwideln, daß eine Belt, worin die mit Bernunft und Gelbstbewußtsein begabte Menschenseele der Ursubstanz am nachsten steht, nicht unter allen möglichen Schöpfungen bie befte fein und bas Uebel oder Bofe Macht haben follte über bas Bute.

Für ben Dienst ber Musen war bie Beit wenig angethan; und bennoch wurden auch die Runfte nicht gang vernachlässigt. Im Rirchenlied wirkten Dichtung und Tontunft jufammen, um die Gemuther über die Leiden bes Erdenlebens zu erheben. Die alte Bolkssprache und Bolksdichtung, an fich schon unbeholfen und derb, mar in den fturmvollen Sahren vollends in Gemeinheit Dichtung und Rung. und Entartung versunten; wollte bas beutsche Bolt nicht hinter andern Rationen jurudfteben, fo mußte die literarische Bildung in ben Geschmad und die Behandlungsweise der Renaissance eintreten. Und so fing man benn an nach dem Borbilbe bes Auslandes die Sprache zu veredeln; Martin Opitz gab durch Lehre und Beispiel ben Anftoß, daß man die schönen Formen und die Bers- und Silbenmaße aus bem Alterthum und ben romanischen Landern in die beutsche Boefie einführte, den Naturalismus der früheren Beit durch eine Runftdichtung berbrangte, burch Uebersetungen und Rachbildungen fremder Dichtungen den rigenen Schat mehrte und fich anftrengte, in poetischen Leiftungen nicht hinter ben Frangofen und Riederlandern allzusehr gurudzustehen. Und wie fteif und barod Manches beut zu Tage erscheinen mag, wie matt und verkunstelt inebesondere die den Italienern und Spaniern entlehnten Schäfergedichte und die der

Birflichteit entrudte idpllifche Traumwelt einem realistischeren Beitalter vortommen muffen - burch die fremden Nachbildungen ftartte und übte bas beutsche Bolt feine Rrafte, bis es an bem Bettlauf in der geistigen Ringbabn theilnehmen und endlich die Palme erringen tonnte. Auch in ber profaischen Dichtung gingen die Berfasser der "Gesichte Philanders von Sittewald" und bes Schelmenromans "Simpliciffimus" bei ben Spaniern in die Schule, gaben aber ihren Berten ein fo eigenthumlich beutsches Geprage, bewegten fich in ihren Bifionen und Schilberungen fo febr in ber Birklichkeit ihrer Beit, bag nichts ben fremden Urfprung verrath. Bang auf eigenen Fugen ftand bagegen Deutschland in ber religiofen Dichtung, die mitten aus bem Jammer ber Rriegszeit fich berausbildete. Und auch barin feben wir, wie fich bie Seele aus ber fummervollen Begenwart auffcwingt au ben gottlichen Regionen, wo Eroft und Bulfe au finden ift. Kleming rief aus: "In allen meinen Thaten, laß ich ben Sochsten rathen"; Reumart tonnte fich und ber Belt bie guverfichtliche Soffnung geben, bag, wer nur ben lieben Gott malten laffe von ihm munderbar erhalten werde und auf teinen Sand gebaut habe; und Paul Gerhard fingt: "Gib bich gufrieden und fei stille in dem Gotte beines Lebens." Als der gewiffenhafte Mann durch die furfürstlichen Toleranzbestrebungen in Berlin fein sachfisches Lutherthum gefährdet fah, "befahl er Gott seine Bege und wanderte ins Elend." Um meisten beherrschte bas Frembe die Gebiete ber bilbenben Runfte: wie in ber Poefie fo gab auch in ber Malerei Die italienische Runftrichtung Die muftergultigen Bor-Canbrart bilber. Doch zeigte Joachim Sanbrart aus Frankfurt, ben bie Rriegefturme nach Italien, Holland und England verschlugen, sowohl durch feine Berte ale Maler und Rupferstecher wie durch feine Thatigteit für die Entwidelung und Fortbildung ber erften beutschen Runftatademie in Rurnberg, daß auch bier bie Rothwendigkeit eines nationalen felbständigen Schaffens gum Bewußtfein ge-

2. Philosophie und religiöse Citeratur.

tommen. Das große Festgemalde im Rathhause zu Rurnberg zur Berherrlichung d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war gleichsam eine prophetische Andeutung, daß damit

Jacob Die religiösen Fragen, welche während des siedenzehnten Jahrhunderts auf den 1676—1624. Sang des politischen Lebens einen so bedeutenden Einsluß übten, standen auch in den Gebiete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 und des künstlerischen Schaffens in erster Linic: die philosophische Speculation wie die lyrische und didaktische Poesie machten dorzugse weise die Meligion zum Segenstande ihres Nachdenkens und ihrer Empsindungen. Der Schlester Jacob Bohme, ein armer Bauernsohn, der in seiner ersten Jugend das Bieh gehütet, dann in Görlig das Schusterhandwert erternt und geübt hat, suche wie Giordano Bruno den geheimnisvollen Zusammenhang des göttlischen Wesens und der creatürlichen Welt durch geistige Vertiefung zu ergründen. Fast ohne andere Bildung, als die aus der lutherischen Bibel geschöpfte und ohne andere Weltkenntniß, als wie sie ihm durch einige kleine Reisen und durch den Verkehr mit den

auch für bas Runftleben ein neuer Zag aufgeben werbe.

Bürgern und Sandwerkern feiner Beimath jugeführt warb, tam Bohme burch eifriges forfden in der Beil. Schrift und durch finnige Beobachtung der Ratur, bes Menfchenlebens und bes eigenen Gemuthes ju Ibeen und Anschauungen, die wenn auch oft untar und verworren aufgefaßt und vorgetragen, doch durch ihre Liefe und Eigenthumlidleit überrafchen und feffeln. Freilich fteben feine Schriften, unter benen "Aurora oder die Morgenrothe im Aufgang"; "bon der Geburt und Bezeichnung aller Befen", gewöhnlich Signatura rerum genannt, am bekanntesten find, in Beziehung auf Sprache und Darftellung weit jurud binter ben flaffischen Berten ber Janseniften von Bortropal; aber die Gedanken und philosophischen Gebilde, die fich aus den gabrenden Sprachelementen und dem Unbermogen und ber Unbehülflichkeit, den Conceptionen Form und Seftalt zu geben, muhfam zum Ausdrud und zur Rlarheit emporringen, haben die Bewunderung vieler herborragenden Geifter ber fpateren Beit erregt. Bie durch ein Bunder wurden die Schriften des trot feines ftillen driftlichen Lebens von der Seiftligteit vielfach bebrangten frommen Mannes in ben Sturmen bes Rrieges nach Amfterdam gerettet, wo ein Anbanger feiner Anfichten fie veröffentlichte. In Solland und England fand die speculative Mystit des "deutschen Philosophen", wie er genannt wurde, bald die größte Berbreitung. Unbewußt die Bege der alten Gnostiker wandelnd, aber unabhangig bon ihren Schriften, die er nicht tannte, fucte Bohme bas heraustreten ber creaturlichen Belt aus ber Ginheit bes gottlichen Befens, ber breieinigen Gottheit ju erfaffen und durch mpftifche Erleuchtung, die ihn periodenweise erfüllte, die großen Rathseifragen des driftlichen Dogmatismus, den Ursprung des Uebels, den Sündenfall, die Menschwerdung des Sohnes u. A. ju losen, nicht durch Operationen des Berftandes mit bulfe mathematischer oder phyfitalischer Beweisführungen fondern durch unmittelbares Cindringen in den "Ungrund", in das "ewige Gine", das "fille Richts", aus dem durch Regation, burch "Bibermartigleit" die Endlichteit, bas Creaturliche hervorgeht. "Alle Dinge bestehen in Sa und Rein, es sei göttlich, teuflisch, irbisch ober was sonst genannt werden mag. Das Eine, als das Ja, ift eitel Kraft und Leben und ift die Bahrheit Gottes oder Gott selber. Dieser ware in sich selbst unerkenntlich und ware darin teine Freude und Erheblichkeit noch Empfindlichkeit ohne bas Rein. Das Rein ift der Segenwurf des Ja oder der Bahrhelt". Soll das ewig Eine fich felbst offenbar werden, foll es einen Billen, eine Beisheit, ein Gemuth haben, fo muß ein Gegenfas in ihm fein, benn "Tein Ding mag ohne Biberwartigkeit ihm felber offenbar werben". Das Richts hat also eine Sehnsucht nach dem Stwas und diese Sehnsucht bewirkt, das das ewig Sine fic differenzirt, "fich in die Schiedlichkeit einführt". Bunachft geschieht dies durch Unterscheidung von Bater, Sohn und Geift in der Gottheit, alsdann durch Entwidelung der creaturlichen Belt vermittelft ber gottlichen "Qualitaten". Dit Bezug auf mehrere Stellen der Offenbarung Johannis nimmt Bohme fieben Geifter an, die er als Quellgeister oder Qualitaten bezeichnet, in denen "die ewige Ratur in ihrem ersten Grunde fleht", Die fcopferischen Urtriebe, welche in der Tiefe ber Ratur quellen und treiben einestheils von der Gottheit unterschieden, andertheils das gottliche Befen felbst nach seinen verschiedenen Birtungstreisen barftellend. "Sie alle faffen fich aber in der göttlichen Ratur zusammen, welche die feche andern Qualitäten aus fich gebaren und bon welcher biefelben umfoloffen werben". Die heilige Dreifaltigkeit und diefe fieben Geister, die in unruhigem Schaffenstrieb sich in zahllose Abtheilungen "qualiren", bilben das große Mofterium oder die ewige Ratur, eine Belt des Lichts ohne Schatten, ber harmonien ohne Distlang, "bas himmlifche Freudenreich". Diefe "geiftliche Belt", in der nur bas in unerschöpflich reicher Entfaltung in fich felbft wirtende, arbeitende und schaffende Leben der Gottheit angeschaut wird, konnte nicht genügen. durch die Bewegung der Geifter Gottes in der Ratur entftand", heißt es bei Beller,

"waren Figuren, die aufgingen und wieder bergingen". Auch als Gott die Engel fouf "härter und derber zusammencorporirt", auf daß das Licht der himmlischen Ratur,, in ihrer Hartigfeit heller scheinen sollte und das der Con des Körpers hell tonete und schallete, damit das Freudenreich in Gott größer würde", war die Belt noch sehllos, ohne Rangel und Gunde. himmel und Erbe und die gange fichtbare Belt, die als "Gegenwurf" aus bem gottlichen "Ungrund" bervorgegangen, murben durch biefelben Rrafte regiert, durch die fie entstanden waren. Selbst das Bofe hatte eine gottliche Burgel. Sollte die Offenbarung Gottes fich vollenden, fo mußte nach Bohme "das Mpfterium magnum in eine zeitliche Schöpfung eingeführt und in den Elementen sichtbar gemacht werden, auf daß der Beift Gottes mit etwas zu wirken und zu spielen habe". So entsteht die wirkliche Bett, die auch das Bofe in ihrem Schoofe tragt, junachft nur als finfteren Grund, welcher nothwendig ift, um bem gottlichen Licht und Leben Scharfe zu geben, der aber mit der Ausdehnung wachsend auch an Orte gelangt, wohin er nicht tommen follte. Um diefes llebergreifen und Buchern der Burgeln und Reime des Bofen, diefe Storung der gottlichen Beltordnung ju erflaren, nimmt Bobme ju ben unthifden Borftellungen eines boppelten Sundenfalles in Lucifer und Adam feine Buflucht. Auch Lucifer mar ursprünglich ein in Gott qualirender gutgeschaffener Engel; erft durch seine Schiedlichkeit, durch feinen bom Bangen fich loslofenden Billen "foll fich ein Theil der himmlifden Belt jur Barte und Berbigfeit jufammengezogen, die Ratur in Gott fich jum Borneifer entzündet, der grobmaterielle Stoff diefer Belt fich gebildet haben". Das Universum ging damit dem Chaos entgegen, wodurch die zweite Schopfung nothig ward, wie fie die Genefis vorführt. Durch den Fall Abams ging der Menfc, welcher die gefallenen Engel erfegen follte, feiner urfprunglichen boben Burde und Bolltommenbeit verluftig. "Doch erlosch das göttliche Licht in ihm nicht ganglich, und in Christus erschien es perfonlich, um dem Menichen junachft bie innere Befreiung bom Bofen moglich ju machen, der am Beltende auch feine außere Ausscheidung und die Bertlarung der Materie zu der ihrem inneren Befen entsprechenden Gestalt folgen wird". Darum wählte Sacob Bohme bas Johanneische Bort : "Unfer Beil im Leben Sefu Chrifti in und" zu feinem Bablfpruch.

Bobme's

Man hat den Görliger Theosophen in der Folge wegen der Fulle tieffinniger Ge-Stellung in schut ven von voriger Anschauungen allgemein bewundert, ihn den "deutschen ber philos danken, fühner und großartiger Anschauungen allgemein bewundert, ihn den "deutschen Bif Philosophen", den Borlaufer driftlicher Biffenschaft genannt. Bon diefer Bewunderung ift man in neuerer Beit zurudgekommen. "Eine nachhaltige Ginwirkung auf die wiffenschaftlichen Buftande", bemerkt Beller, "ließ fich von einer Speculation nicht erwarten, welche ohne methodifche Uebung des Dentens an die fcwierigften Aufgaben berantrat, die verwideltsten und umfassendsten Fragen mit unklaren Anschauungen und ungeprüften dogmatifchen Boraussehungen zu lofen unternahm, welche ftatt icharfer Begriffe eine verwirrende Maffe von schwankenden Bildern, fatt wiffenschaftlicher Untersuchung phantaflevolle Dichtungen, fatt verftandiger Gedankenentwidelung apokryphifche Rathfel darbot".

Leibnig 1646—1716.

Diefen Chrenplay eines Begrunders der neuer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verdient ein anderer Mann, der mit ichopferifchem Geifte univerfelle Bildung und einen Reich thum des Biffens verband, wie tein anderer Gelehrter feiner Beit, verdient der geniale Denter und Schriftfteller Gottfr. Bilb. Leibnig, Sohn eines Leipziger Profeffors. Den Grund zu feiner Bildung legte er in Leipzig, feiner Geburteftadt; aber Selbftftudium, Reisen, langeres Berweilen zu London und Paris und Bertehr mit den größten Beiftern bes Auslandes hoben ihn bald über alle seine Beitgenoffen empor. Als junger Mann von einundzwanzig Jahren wurde er von bem früheren turmainzischen Minister Job. Chrift. von Boineburg, der auch nach dem Austritt aus feinem Amte einer der einflusreichsten deutschen Staatsmanner geblieben mar, in die Dienfte des Rurfürften 306.

Bhil. von Schönborn gezogen. In der Rabe biefes gebildeten und wohlwollenden Fürften verbrachte Leibnig fünf Jahre (1667-72) theils mit publiciftifchen, theils mit juriftifden Arbeiten befcaftigt. Bir wiffen, daß er im Auftrage Boineburgs den Plan entwarf, Ludwig XIV. ju einem Unternehmen gegen Meghpten zu bewegen, burch welches die Croberungeluft diefes Monarchen von Deutschland und Solland abgelentt und auf Roften der Turtei eine Annaherung Frantreichs an Defterreich herbeigeführt werden follte. Die diplomatifche Miffion hatte teinen Erfolg für die Bolitit; aber für den deutschen Rechtsgelehrten mar fie von Bichtigkeit: er verlebte vier Jahre in der Beltfladt an ber Seine, ein Aufenthalt, ber für feinen Bilbungsgang bon ber größten Bedeutung war. Sungens war fein Lehrer in der hoheren Mathematit; mit der frangöfischen Sprache und Bhilosophie machte er fich bertraut. Rach feiner Rudtehr trat er in die Dienfte des Bergogs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 und lebte nun vierzig Jahre lang als Bibliothetar und Rath in Sannover, wo er das Bertrauen des jum Rurfürften erhobenen Bergogs Gruft August genoß und an beffen Gemahlin, ber geistreichen Aurfürftin Sophie eine wohlwollende Gonnerin fand. Die Berliner Atademie wurde von ihm gegrundet; verfchiebene Bofe bezeigten ibm ihre Anertennung durch Stanbeserhobung, Titel und Benfionen, alle gelehrten Gefellschaften durch Ernennung jum Mitglied. -Leibniz war in allen Biffenschaften, im Haffischen Alterthum und im Mittelalter, in den Schriften der Theologen und Philosophen gleich bewandert und traf mit wunderbarem Lact und Scharffinn stets das Richtige, an Fleiß und Thätigkeit kam ihm Niemand Das Studium ber Jurisprudenz, dem er fich zuerst gewidmet, führte ihn ju ben grundlichften Untersuchungen über Staats- und Bolterrecht, den Siftoritern zeigte er burch feine umfaffenden Quellenforsch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bes Saufes Braunfdweig, wie viel noch über die vaterlandische Befchichte aus bem Staube ber Archive zu ziehen fei; fein großartig angelegtes Bert: "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 das bei dem Tod des Berfassers erft jum Jahr 1005 gediehen war, blieb jum großen Rachtheil der Geschichtswiffenschaft über ein Jahrhundert blos Manuseript, bis der vaterlandische Sinn unferer Beit es an bas Licht der Deffentlichkeit jog. In Mathematik und Raturwiffenschaften begründete er eine neue Beriode; er theilte mit Rewton ben Ruhm bes Erfinders ber Integral- ober Infinitesimalrechnung, die er in der ersten, von Otto Menten gegrundeten, gelehrten Beitschrift Acta eruditorum bekannt machte, eine Erfindung, durch welche eine völlige Umgestaltung dieser Biffenschaft angebahnt ward. Das der große englische Physiter und Mathematiter ihm bie Priorität diefer wichtigen Erfindung, die auf verschiebenen Begen aber im Grundgedanten übereinstimmend fast gleichzeitig in beiben Ländern geschah (S. 270), streitig machte, verbitterte ihm die letten Tage seines Lebens. Bon seinen theologischen Bestrebungen, Einheit der Rirche gurudzuführen, wird spater die Rede fein, seine pseudonyme Schrift über die Berfaffung des beutschen Reichs haben wir früher tennen gelernt (XI, 1030).

In der Philosophie hat Leibnig fic an teine der herrschenden Schulen angeschloffen, Die Leibe sondern ift unabhangig feine eigenen Bege gegangen. "Er verhalt fich ju Bacon und Bhilofophie. Descartes nicht als Gegner, benn er will das Gleiche, was fie wollen: eine natürliche Erffärung der Erfcheinungen, eine rationelle Betrachtung der Dinge; aber er wird auch nicht ihr Schuler, benn er findet jene Ertfarung, fo wie fie biefelbe gegeben haben, unjureichend und der Erganzung durch andere, von ihnen vernachläsigte Elemente beburftig". Der philosophischen Biffenschaft foll ein "allgemeines Inventar aller Renntniffe" vorausgeben, der naturwiffenschaftlichen wie der hiftorischen. Auf diese geftust suchte dann Leibniz an der Gand logischer und mathematischer Beweisführung zur vollen Rlarheit und Bestimmtheit bes Dentens und jugleich jur Uebereinstimmung mit ber

"Rlarheit in ben Borten, Brauchbarkeit in den Sachen" ift Birtlichteit ju gelangen. fein Bahlfpruch, eine allgemeine "bemonftrative Encyclopadie" berguftellen, die "Philofophie demonstrativ zu machen", ift die Idee, welche ihm vorschwebt. Erft nach langerem Suchen und Forfchen gelangte er zu ben philosophischen Grundgedanken, die er in berfciedenen gerftreuten Schriften niedergelegt hat. Den Mittelpuntt derfelben bildet die Monadenlehre und die Annahme der prästabilirten Garmonie. Monaden nennt Leibniz bie letten einfachen untheilbaren Substanzen, die ursprünglichen einheitlichen Rrafte, die allem Busammengesetten jum Grunde liegen, das mabrhaft Seiende find und nur durch eine Schöpfung Gottes entfleben, von einem Moment jum andern durch fortwahrende Ausstrahlungen (Effulgurationen) der Gottheit entspringen. Sie haben Borftellung (Berception) und Trieb, einige mit Bewußtfein und Unterfcheibung, andere bewußtlos; aus jenen bestehen die beseelten Korper, die eine Centralmonade als Mittelpunkt haben, aus diefen außerlich durch ben Raum verbundenen, mindeft thatigen und triebfamen Monaden die unorganischen Körper (Materie). "Bede Monade ift ein Spiegel des Universums, befist eine Borftellung von Allem in ber Belt; aber diese Borftellung nimmt in jeder eine eigenthumliche Geftalt an; in jeder Monade fpiegelt fich das Sange ab, aber in jeder fpiegelt es fich bon der Seite und mit der Bollommenheit ab, welche ihrer Ratur entfpricht. Die Borftellungen ober Ideen find bald flar, bald buntel, und die Maren Borftellungen theils deutlich theils verworren". Die Erkenntnis der Babrbeit beruht auf bem Grunbfat bes gureichenden Grundes. Diefer gureichende Grund ber Belt ift Gott, ber Urquell alles Seienden und Möglichen, bon dem alle Monaden ausgeben und ber ihnen ihre Beziehung und ihr Berhaltniß zu einander von Anfang an feftgefest bat. Bas die Cartefianer blos von dem Berhaltnis der dentenden und ausgedehnten Substang gefagt hatten, bas behnt ber beutsche Philosoph auf bas Berhaltnis aller Substanzen überhaupt aus, "macht es aus einem anthropologischen zu einem tosmologifchen Bringip". Diefe Ginrichtung, bermoge beren alle Beranderungen der einen Monade den Berhaltniffen und Beranderungen der andern entsprechen, nennt Leibnig praftabilirte Barmonie. "Gott hat jeder Monade gleich bei ihrer Schopfung diejenige Ratur verliehen, und eben damit biejenigen Thatigfeiten und diejenige Reihenfolge diefer Abatigkeiten in ihr angelegt, welche die Rudficht auf alle anderen und auf das aus ihnen bestehende Beltganze fordert; jede ist daher durch die Idee aller andern bestimmt, und hilft ihrerfeits alle andern bestimmen, und wiewohl teine von den andern eine Cinwirtung erkibet, sondern jebe fich mit reiner Spontaneitat aus fich selbst entwidelt, greifen doch alle ihre Thatigleiten und Buftande in jedem Augenblid vollommen in einander, und es ftellt fic aus allen diefen ungahlbaren Ginzelwefen und ihren einander fceinbar gang unabhängigen Entwidelungen jenes vollendete, in allen feinen Theilen durchaus barmonische Ganze ber, das wir die Belt nennen. Dies ift das Syftem der borberbeftimmten Harmonie, in welchem die Monadenlehre jum Abschluß tommt". Diese harmonie als thatfächlich vorhanden in der wirklichen Belt nachzuweisen und zugleich darzuthun, "das die Belt nur das Bert einer unendlichen Intelligeng, eines die hochften Bwedbegriffe mit unbeschränkter Macht und Ginficht ausführenden icopferifchen Billens fein tonne" ift die Aufgabe feiner Lehren über die Gottheit und über die befte Belt. Das Lettere gefdieht in der "Theodicee", einer Schrift, die in icarffinniger Beweisführung wenn auch nicht ohne Spisfindigkeiten und Sophiftit und mit gefälliger Leichtigkeit der Darftellung gegenüber dem Stepticismus Baple's den Beweis ju liefern fucht, daß unter allen möglichen Belten die wirkliche die beste fei, daß bas Uebel, bas als nothwendige Schrante zu dem Befen endlicher Dinge gebore, in einer endlichen Belt nicht entbebrt werden könne. "Das phyfifche Uebel ober ber Schmerz fei heilfam als Strafe ober als Erziehungsmittel; das moralische Uebel oder das Bofe konnte Gott nicht aufheben ohne die Eelbftbestimmung und damit die Moralitat felbft aufzuheben; die Freiheit, nicht als Exemtion von der Gefehmäßigteit, fondern als Selbstenticheidung nach dem ertannten Gefet gebore zum Befen bes Geiftes. Der Raturlauf fei fo von Gott geordnet, bas er jedesmal dasjenige berbeiführe, was für den Beift das Butraglichfte fei".

Die Sarmonie, die Leibnig in dem Beltall ertannte, die ihn ju der optimiftifden Leibnigens Anschauung führte, daß das Uebel und das Bofe weitaus von dem Guten überwogen liche Thatigs werde, fand er auch in feinem Innern; ihm erfchien die Beltordnung als eine gludliche teit. heitere Rothwendigkeit, "mit Grazie umzogen". "Leibniz war ein edler und liebenswürdiger Charafter", fagt Beller, "von biederem offenen Befen, wohlwollend und menfchenfreundlich, feingebildet und geiftreich im Umgang, ein Mufter philosophischer heiterleit und Milde, voll Gefühl für bas Bohl und die Borguge feines Bolts und voll Entruftung über die unwurdige Rolle, ju der es in jener Beit berabgedrudt mar, von warmer und aufrichtiger Frommigteit, wenn auch tein fleißiger Rirchenbefucher". Dhne gamilie lebte er nur ber Biffenschaft, ber Erforfdung ber Bahrheit, ber Beforderung der Sumanitat. Seine miffenschaftlichen Arbeiten, die er um von dem Auslande verfanden ju werben, in lateinischer ober frangofischer Sprache verfaßt bat, wurden theils in gelehrten Beitschriften Deutschlands und Frantreichs theils in monographischen Auffagen ober in Briefen und Sendichreiben niebergelegt; Die bedeutenderen, wie die "Berjude einer Theodicee über die Gute Gottes, die Freiheit des Menfchen und den Urfprung des Uebels", wie die "neuen Berfuche über ben menschlichen Berftand" gegen Lode, wie bie "Monadologie" und die "Bringipien von der Ratur und der Gnade" u. a. find auch in's Deutsche und in andere Sprachen überfest. Er felbft mochte es tief beklagen, daß er außerer Rudfichten halber fich feiner Mutterfprache nur felten bedienen tonnte; denn er felbft hat über die beutiche Sprachwiffenschaft treffliche Bedanten ausgesprochen, und wo er seiner Feber freien Lauf last und fich von bem zopfigen Bof- und Rangleiftil ber Beit losmacht, ein reines, flares und forniges Deutsch geschrieben. Leibnig mar ein Universalgenie der Biffenschaft, urtheilt R. Fischer. "Gine folche Fulle und Genialität des Biffens war feit Ariftoteles nicht mehr in einem einzigen Ropf vereinigt. Berufswiffenschaft ift die Jurisprudenz, die er mit reformatorischen Ideen durchdringt; fein eigentliches Genie ift die Philosophie, beren Geschichte er mit einer grundlichen Gelehrfamteit umfast und die er jugleich mit einem neuen Geift umbildet. Phyfit, Dechanit, Mathematit treibt er mit Borliebe und Originalität, er ift in diefen Biffenschaften, welche die herricaft des Beitalters führen, nicht bloß einheimifc, fondern erfinderifc thatig. Labet ift er jugleich Diplomat, Bublicift, Bolitter, Gefcichtfdreiber und Bibliothetar. In Baris beschäftigen ihn gleichzeitig Rriegsplane für Ludwig XIV., mathematifche Studien, mechanische Projette und diplomatifche Friedensunterhandlungen. In hannover beschäftigen ihn gleichzeitig Bergbau, Geologie, Rationalotonomie, Mungwefen und Staatsschriften, im Intereffe feines Fürften. In allen Studen ift er felbftthatig, durchdringend, erfinderifc. Er fuct eine neue univerfelle Philosophie, ein der Bernunft conformes Christenthum, eine diefem Christenthum entsprechende Rirche, befördert die allgemeine Civilisation, verwaltet Bibliotheken, grundet Akademien und ift daneben fortmabrend mit der Erfindung der Beltidrift beichaftigt."

Leibnig hat fich forgfältig gehutet, bem Offenbarungsglauben entgegenzutreten; Stellung gur bennoch wollte fein Geiftlicher feinem Leichenbegangniffe beiwohnen. Gine Lehre, welche und Rirche. Auftlärung und Eugend für die Merkmale der wahren Religion erklärte, in der Sittlichkeit die höchfte Stufe der Frommigkeit erkannte und ben Glauben nur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Bernunft gelten laffen wollte, in deren Beltplan alle Bunder, mithin auch die Menichmerdung Gottes teine Statte fanden, tonnte vor der Orthodogie nicht befichen. Sie entdedte unter ber philosophischen bulle die Reime, Die ju bem fpateren

Rationalismus führten, und widerftand ben Bringiplen. Dies erfuhr auch Christian Bolf 1679 Bolff, berienige unter Leibnigens Schulern, welcher bie gerftreuten Grundgebanten bes Meifters aufammenftellte und ju einem formlichen Lebrgebaude nach mathematifcher Methode entwickelte und ausbildete. Sohn eines Sandwerkers von Breslau bat der begabte und fleißige junge Mann als Profeffor in Leipzig und Salle fic rafc einen bedeutenden Birtungetreis gefchaffen und fowohl durch feine Schriften, als durch feine Lehrthatigleit fic einen berühmten Ramen gemacht, bis es ben Orthodoren und Bietiften gelang, bei dem zweiten Ronig von Preugen, Friedrich Bilbelm I. den Philosophen als einen Beind bes rechtglaubigen Chriftenthums zu verbachtigen und feine Berweifung aus Salle ju erwirten. Bolff erhielt ben Befehl, "bei Bermeibung bes Stranges" innerhalb vierundzwanzig Stumben bas Ronigreich zu verlaffen. Er flebelte barauf nach Marburg über, wo er seine wiffenschaftliche Thatigkeit fortsette, bis nach des Ronigs Tod sein Sohn und Rachfolger Friedrich II. den Philosophen nach Halle zurückrief. So eiferfüchtig übrigens Bolff auf den Ruhm der Driginalität Anfpruch machte, fo mar er doch nur der Erbe der Leibnig'ichen Ideen, fein Sauptverdienft bestand barin, bas er diefe gerstreuten Ideen des genialen Mannes mit logischer Klarheit und mathematischem Berstande zu einem Spftem ordnete und die deutsche Sprache zu wissenschaftlichen Berten anwendete. Bis jum Jahr 1726 hatte er in gut gefdriebenen beutschen Lehrbuchern alle Theile feiner Bhilofophie dargestellt und eine wiffenschaftliche Terminologie geschaffen; erft als er fich mit ber steigenden Ausbreitung seines Ruhmes immer mehr als einen "Profeffor der Menfcheit" fühlte, bediente er fich der lateinischen Sprache.

Die Leibnigs Auch nach Bolff ist die "Aufflärung des Berstandes" Grundbedingung auer Bolffice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ens und die daraus hervorgehende Ertenntnis der Bahrheit und Philosophie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ens und die daraus hervorgehende Ertenntnis der Bahrheit und Die Liebe jum menfolichen Gefchlecht das Biel ber Philosophie. Das gefammte Biffen unter den beiden Sauptgefichtspuntten der theoretischen und der prattischen Philosophie zusammenfaffend entwidelt er zu dem 3wed die einzelnen Theile in ein auf mathematifch-logischer Methode aufgebautes festgeschlossenes System, dem ber Charatter einer trodenen Schulweisheit anhaftet. Die Leibnigiche Monadologie in ihren fühnen Sagen abschwächend loft er die Einheit von Seele und Leib auf und bringt somit die Lehre des Meisters der gewöhnlichen Beltauffaffung naber. "Er will insbesondere denjenigen Monaden, welche nicht Seelen find, nicht Borftellungen beilegen, ferner bie praftabilirte Sarmonie nur als eine julaffige Spothefe gelten laffen und die Möglichkeit ber naturlichen Bechselwirtung zwischen Leib und Seele nicht ausschließen". Indem er aber Seele und Rorper fondert, ift er genothigt, "die beutliche Erkenntnif von der bunteln, die Moral von der Ratur, Gott vom Universum zu trennen; und so wird hier jenes geiftige Band aufgeloft, welches bei Leibnig im Begriff der Monade und Entwidlung die Ordnung aller Befen jusammenhielt". An dem Optimismus und Determinismus halt auch Bolff fest. Die Belt erscheint ihm als ein mit Beisheit und bochfter 3med. maßigkeit geschaffenes Bert Gottes, burch welches er fich felbft offenbart. Alles vollgieht fich barin nach ewigen burch gottlichen Rathidlug bestimmten Gefegen, nach einem urfprunglich feftgefesten Bufammenhang und Caufalnegus, welcher tein willfürliches Eingreifen der Allmacht, tein Bunder julagt. Die Bwedmabigfeit und den Rugen ber Dinge erkennen ift nach Bolff die bochfte theoretische Beisheit und nuglich ju handeln die höchfte prattifche. Offenbarung und Bunder werden von Bolff nicht unbedingt verworfen aber nur mit folden "Rriterien" ober "Rennzeichen" jugelaffen, daß fie nur noch dem Ramen nach fur möglich, dem Befen und ber Sache nach fur unmöglich erklart wurden. Den Sauptnachdrud legte Bolff wie Leibnig auf die Sittenlehre. Beide bewunderten die Moral der Chinefen, die damals durch die Jesuitenmissionare in

Europa bekannt marb und fur die jenes Beitalter des Berftandes fich in abnlicher Beife begeisterte, wie hundert Jahre fpater die Romantiter für den contemplativen Quietismus der Inder. - "Bolffs hauptfachlichfte Leiftung besteht darin, daß er der erfte war, der es in Deutschland unternahm, alle Biffensgebiete bom Standpunkt der mobernen Philosophie ausammenhangend und methodisch in erschöpfender Bollftandigteit ju bearbeiten. Es war bom bochften Berth, daß einmal mit dem Gedanten einer rein mitonalen Beltbetrachtung Ernft gemacht, daß die Forderung, Alles aus feinen naturlichen Urfachen zu erklaren, nicht blos aufgestellt, sondern auch in eingehender Unter-

fudung an dem gangen Ertenntnifftoff burchgeführt murbe".

Unter ben wiffenschaftlichen Großen, welche in der zweiten Salfte bes fiebengebnten Bufenborf Jahrhunderts die Belt des Ertennens ju flaren und ju bereichern fuchten, nimmt auch Samuel Bufendorf, dem wir in früheren Blattern icon mehrfach begegnet find, (XI, 1030. XII, 631) eine hervorragende Stelle ein. Sohn eines Baftors aus Chemnis bat der deutsche Gelehrte bald als Professor an verschiedenen Universitäten, bald als Staatsmann und hiftoriograph in Stodholm und Berlin gewirkt und zugleich, angeregt bon Sugo Grotius und Sobbes in mehreren bedeutenden Berten bie Begriffe bes Ratur- und Bolferrechts und die Lehre bom Staat ju begrunden gefucht. Auch Pufendorf bediente fich, um dem internationalen Charatter der damaligen Wiffenichaft zu genugen, bei Abfaffung feiner rechtsphilofophischen und hiftorischen Schriften ber lateinischen Sprache, fo warm auch fein Berg fur bas deutsche Bolt folug und fo tief er die Ernledrigung empfand, ju der die Ration burch eigene und fremde Schuld berabgebrudt mar. Bir wiffen welchen Sturm ber "Geverinus de-Mongambano" durch fein fuhnes Bort über die Staatsform des beutfchen Reiches erregte; erft nach Bufenborfs Tod lernte man ben mabren Berfaffer tennen. In einer Reihe rechtsphilosophischer Berte "über Ratur- und Bollerrecht" "über die Pflicht des Menfchen und bes Burgers" fucte ber beutiche Gelehrte zwischen Grotius und Bobbes eine vermittelnde Stellung über den Urfprung und bas Befen bes Staats und bes öffentlichen Rechts zu gewinnen, indem er von jenem das Prinzip der Geselligkeit, von diefem das des individuellen Intereffes annimmt und durch ben Sat vereinigt, "bag bie Gefelligkeit im Intereffe eines jeden Einzelnen liege." Bie Grotius leitet auch Pufendorf die allgemeinen Rechtsgefete aus der Bernunft und der menschlichen Ratur ber, nicht bon einem gottlichen Billen, einer Offenbarung; aber neben dem angebornen Gefelligkeits trieb legt er großen Rachdrud auf bas Gefelligkeits bedürfniß, "indem er theils an die Bulfslofigkeit des vereinzelten, auf fich felbft beschrankten Menfchen, theils an die menfchliche Leidenfcaftlichkeit und Schlechtigkeit erinnert, welche ben blogen Raturzuftand zwar nicht, wie Sobbes meinte, zu einem allgemeinen Kriegszustand, aber doch zu einem Buffand größter Unficherheit mache", baber die lette Quelle des Rechts in dem Gelbft. erhaltungstrieb ju fuchen fei. Der Bauptgrund für bie Bilbung von Staaten ift ibm baber bas Beburfnis bes Rechtsschupes, bie Sicherung bes Friedens; "ber Staat entfleht, wenn fich eine größere Anzahl von Menfchen für biefen Bwed burch Bertrage unter einer gemeinsamen Regierung bereinigt. Der Staat last fic baber nur mittelbar auf gottliche Stiftung zurudführen und noch weniger barf der einzelne Regent feine Regierungsgewalt unmittelbar von Gott herleiten. Pufendorf nimmt deshalb auch kinen Anstand, eine vertragsmäßige Beschränkung der fürstlichen Gewalt zuzulaffen und felbst ben gewaltsamen Biberstand gegen bas Staatsoberhaupt will er, wenn auch jogernd, für gewiffe außerfte galle geftatten." Roch fcarfer verwirft er jeden Gewiffensund Religionszwang, die Durchführung einer abgefchloffenen Staatstirche: außer bem Glauben an einen Gott und eine Borfehung folle der Staat von seinen Bürgern nichts berlangen, und jedem Bekenntnis freien Gottesbienst gestatten. In seinen historiographifden Berten bebanbeite Bufenborf Die Geschichte von Schweben unter Rarl Guftab und von Brandenburg unter Friedrich Bilhelm dem großen Aurfürften und feinem Sohne Friedrich.

Beligide Benn die Philosophie mehr und mehr auf Bege gerieth, welche das Nistrauen Dichtung u. Literatur, der dogmatischen Rechtglaubigen erregten, so hielt fich um so mehr die Dichtunk auf dem

firchlichen Boben. Der evangelische Rirchengefang, wobei fich Dichter und Conmeifter jum barmonifden Bunde die Bande reichten, die religiofe Empfindung durch entfpredende Melodien gehoben ward, war gleichfam das neutrale Gebiet, auf dem die theologischen Entzweiungen und Rampfe zur Aube tamen. Bir haben in den beiden vorhergebenden Banben (X, 918; XI, 742) bas Rirdenlied in feiner Entwidelung und Bedeutung für bas religiofe Leben ber Reformationszeit tennen gelernt; diefer Bweig bet Sottesbienftes und der frommen Gemuthserhebung wurde auch im flebengehnten Jahrbundert fort und fort geubt und ausgebildet und gestaltete fich jum gefühlvollsten Ausbruck der Seelenstimmung und der Andacht in den Tagen der Erübsal und der Ariegenoth. Gine warme und nachdrudfame Anregung ju innerer Bertiefung in Sott gab ein Prediger, ber in den erften Rriegsjahren in Celle als Superintendent ge-Arnbet 1856 ftorben ift - Johann Arndt. Sein Gebetbuch "das Paradiesgärtlein" und noch mehr feine "vier Bucher vom mabren Christenthum" waren für die Beitgenoffen und für alle nachfolgenden Geschlechter ein Licht und Leitstern in bunteln Tagen. Die religiofe Innerlichteit und die einfache treubergige Bibelfprache Lutbers, die unter ben Ranpfen ber Theologen über unerflarbare Glaubensfage und fombolifche Rechtglaubigkeit aus ber Schrift und bon ber Rangel berfcwunden war, wurde in ben Andachtsbuchern Urnots bem Bergen bes Bolles wieber jugeführt. Rachdem er in dem "Buch der Seil. Schrift" jur Bieberaufrichtung bes Bilbes Gottes im Menfchen Anleitung gegeben, im "Buch des Lebens" gelehrt, wie durch Chriftus Gunde und Leid überwunden werde, geigt er im "Buch des Gewiffens", wie das Reich Gottes als ein inneres Licht in der Seele erwedt werden muffe und im "Buch der Ratur", wie Belt und Ratur von Gott Beugniß gebe und zu Gott führe. Bie das Buch von der Rachfolge Chrifti bat fich auch bas Bert Arnots bis auf die Gegenwart als Andachtsbuch erhalten und manches ber erhoben und getröftet, wenn gleich die mpftischen Antlange in der Beit des fleifen Dogmenglaubens dem "deutschen Sénélon", wie man den Berfasser in der Folge hier und da bezeichnet hat, viele Anfechtungen von Seiten der Orthodogen jugezogen haben. Arndt

Rirdenlieb. ftammte aus dem Anbalt'ichen, wo feit den Anfangen der Reformation ein fur Bildung und humanitat empfangliches Fürstengeschlecht regierte. Dort entstand auch der Balmenorden, deffen Mitglieder neben ber gorderung ber Sprache und der Berüberführung fremder Literaturerzeugnisse auf den vaterländischen Boden sich besonders die Fortbildung des Rirchenliedes zur Aufgabe ftellten. Bir werden in den folgenden Blattern die Manner kennen lernen, die nach dem Borgange des Dichterhauptes Opis die kunftreicheren Formen, die "geputteren Reime" auch in die religiofe Boefte einführten. In ben Pfalmen Davids fanden fie alle Stimmungen ausgeprägt, welche die Bechselfalle des Lebens auch in ihrer Bruft erzeugten, den Schmerzensichrei in Angft und Roth, den Eroft und das Bertrauen auf gottliche Sulfe, die Rraft des Gebets und ben Lobgefang fur die Rettung aus Erübsal und Anfechtung. Die Psalmen wurden daher auch fort und fort übersett und nachgebildet. Alle die Dichter, die neben und nach Opis den Musen bei Belicon bienten, die Bleming, Rift, herrmann, die Reumart, Andrea, Grophius waren zugleich befliffen, das evangelische Kirchenlied in den tunftmäßigen Formen und der correcten Sprache und Bersart der modernen Poefie auszubilden. Die bekannteften Lie ber, die noch jest die protestantischen Befangbucher gieren, ftammen aus ber brangfalbollen Beit des fiebenzehnten Sahrhunderts. Benn durch biefen Drang der Seele ju

ber religiöfen Dichtung die geiftliche Liederpoeffe an außeren Borgugen und an Reichthum und Mannichfaltigfeit gewann, fo ging fie bagegen in febr vielen gallen ber naturlichen Kraft und Innigkeit, der vollsthumlichen Sinfachheit, des unmittelbaren Bergenserguffes des alteren Rirchenlieds verluftig. Mit der leichteren und correcteren form nahm nicht felten bie Gebiegenheit bes Inhalts, Die Rraft und Barme bes religiöfen Gefühls ab.

Bie die gefammte Dichtung ift auch die geiftliche Poefie vorzugsweise von den Berfchiebene lutherifden Confestionsverwandten bes nordlichen Deutschlands ausgebildet worden. in ber relis Die tatholischen Gedichte eines Balbe, Spee, Scheffler, in welchen die oft an fcmar- gibfen Dichmerifche Bergudung grengenden finnlich-religiofen Borftellungen und Gebilde des romifden Rirchenglaubens im Beifte der alten Myftiter mit ihren weichen Tonen, bilderreichen Gleichniffen und überschwenglichen Andachts- und Bußgedanten wiedertehrten, und die bamit verwandte tandelnde Schaferpoefie bes Begniper Blumenordens, die auf Grund bes hohenliedes ben heiland als hirtenideal und Seelenbrautigam feierte und mehr bichterifchen Schmud einzuführen bemubt war, batten teine burchschagende nachwirtende Bedeutung für die Entwidelung der geiftlichen Bocfie. Diefe blieb hauptfächlich an die feit Dpit geltende Runfipoefie gefnupft und nahm unter ben Banden ber folefifchen, fächfichen und nordbeutschen Dichter einen folden traftigen Aufschwung, bag die übrigen Sattungen der Boefie, felbft wenn fie bon denfelben Berfaffern ausgingen, wett binter dem Rirchenliede gurudblieben. Bei der unermeglichen Fruchtbarteit, die fich auf diefem Felde zeigte, war es naturlich, daß nach Form und Inhalt die größte Berschiedenartigkeit zu Lage trat. Die Einen, wie der Schlefter Christian Anorr von Ro- Rogenroib fenroth, der die Eröftung der Philosophie des Boethius übersete, ein weitgereifter 1696—89. tenntnibreicher Mann, naberte fic ber mpftifchen Gefühlfamteit feines Landsmannes Scheffler (Angelus Silefius), in der Beltflucht und Bertiefung in Gott die mabre Seligleit fuchend; und Quirinus Ruhlmann von Breslau, ein theosophischer Schmarmer und Abenteuerer, ber nach einem wechselvollen Leben zu Mostau wegen religiöfer und politischer Aufreizungen den Flammentod erleiden mußte (1689), trieb in seinen Lieberfammlungen ("Stimmliche Liebestuffe"; "Tugendfonnenblumen", "Rubl-Pfalter" u. a.) die Andachtsbegeisterung bis jum Bahnwig und Rinderspiel. - Im Gegensat ju der in moftifden ober überschwenglichen Borftellungefreifen fich bewegenden religiofen Boefie nahm die traftigere realiftifche Dichtung, die bei der einfachen Bibelfprache ju bleiben und lutherischen Sinn zu bewahren trachtete, einen erfreulichen Fortgang, wenn Ro gleich auch bier ein Umschwung in Sprache und Beretunft in Folge ber Opisschen Reformationsthatigfeit bemertbar machte. Um wenigsten wurde von ben Reuerungen Withatigetett vemerroat muchte. win weinignen warde von den genermigen Bob. Andrea aus Burtemberg, den wir früher als Urheber des 3.B. Anbred 1586—1684. Rosentreuzerordens (S. 159) tennen lernten. In einem allegorische geiftlichen Gedicht "bon ber Chriftenburg" rebet er einem werttbatig-glaubigen Chriftenthum im Beifte ber alten Reformatoren bas Bort gegenüber ben unfruchtbaren Grübeleien ber Theofophen Andreas Beitgenoffe, der Schlefier Joh. Beermann trug dem 1585-164 und Scheinbeiligen. veranderten Gefcmad mehr Rechnung : er führte die neue Berktunft Opigens in die Kirchendichtung ein, ohne jedoch die Innerlickleit und warme Frommigkeit zu verlieren. Seine "Baus- und Berg-Mufica", feine "lebung in der Gottfeligkeit" enthielten Lieder und Somnen, die bei den Beitgenoffen in großem Unseben ftanden. Wenn er bon dem Clende ber Beitlickeit und ber Sundenlaft mehr burchdrungen erscheint als die alteren reformatorifden Sanger, mehr ben Con ber Erniedrigung, ber Bertnirfdung, ber Seelenangft anschlägt als der feiner Erlofung durch ben Beiland fichere Luther, fo gaben ihm fowere Schidfalsichlage, Rrantheiten und Rriegsnoth Beranlaffung genug ju Rlaggefängen und elegischen Bergenbergiebungen, ju traurigen Betrachtungen über

Mufter des Florentiner Bereins von einigen fürfilichen und abeligen herren, unter benen befonders Rafpar von Teutleben hervorragte, bie "frucht bringende Gefellich aft" 24. Mug. ober ber "Balmenorden" gegründet ju dem Bwed die deutsche Sprache rein ju fprechen und ju foreiben und fo viel wie möglich von Fremdwörtern frei zu halten, mit der Devife "Alles jum Rugen". Bie wenig auch unter ben Stürmen der nachften Beit, bei dem Mangel einer tonangebenden Sauptstadt und eines berborragenden Dichtergenius bie neue Stiftung ihr Biel erreichte, mit ihrer gopfigen Bebanterie und der Spieleret, die fruchtbringenden Mitglieder mit Ramen aus dem Bflanzenreich ober andern bezeichnenden Benennungen ju belegen; fo war es doch schon ein Gewinn für die Literatur, daß ein aus hochgebornen und hochgelehrten Mannern bestehender Berein, in welchem der gebildete gurft Ludwig felbft, "ber Rabrende" genannt viele Jahre lang ben Borfit führte, für Sprache und Boefie, für die Bflege geistigen Lebens Intereffe zeigte und auch in den trüben Tagen, bie balb nach ber Stiftung über bas beutsche Reich hereinbrachen, ben Sinn fur bobere Guter aufrecht erhielt, ein patriotisches Gemeingefühl begte und nabrte, die Boltssprache abelte und wie Schottel und Gueing durch grammatische Berte die hochbeutiche Sprache für die Biffenschaft und die Poefie ausbildete. Rach Ludwigs Tod tam ber Borfis an Herzog Bilhelm IV. von Sachfen-Beimar, "der Schmachafte" genannt, und nun murbe bie alte Statte bes Minnegefanges ber Sauptfig bes Dichterbundes und Reumart von Beimar, "ber Sproffende" als "Erzichreinhalter" der eigentliche bichterifche Bertreter und zugleich ber Geschichtschreiber bes Ordens. Die Protection ber vornehmen Orbensglieber erhobte bas Ansehen ber Schriftfteller und founte fie por Schmabungen und Berunglimpfungen, trug aber auch bei, daß eine übermäßige literarifche Broductivitat bervorbrach, die viel Unbedeutendes und Mittelmäßiges ju Tage forderte. Besonders ris ein wuchernder Ueberschungsbrang aus allen Sprachen ein. Da die Gefellfcaft trop ihrer fürftlichen Batrone ftets ein Brivatverband blieb, fo lief bie individuelle Freiheit nicht wie in Frankreich Gefahr, einem oberften Tribunal bes Gefchmacks und ber Sprache zu erliegen.

Wartin Opis 1597—1639.

Diesem Palmenorden trat auch bald ein junger Mann bei, der berufen war als "Bater und Biederhersteller ber Dichtfunft" in gang Deutschland gefeiert zu werben -Martin Opits aus Bunglau in Schlefien. Aus einer burgerlichen nicht unbemittelten Familie herborgegangen erwarb er fich durch Studien und Talente wahrend feiner nicht langen Lebenszeit fo viele Chre und Anertennung, daß fein Rame neben den gefeierten Schriftstellern des Auslandes genannt, daß er unter den Fruchtbringenden als "der Gefronte" bezeichnet und endlich von dem Raifer als Opis von Boberfeld in den Abelftand erhoben wurde. Opig war tein Dichter erften Ranges, seinen Ruf verbantte er mehr ben formalen Borgugen feiner poetifchen Erzeugniffe als ber Biefe feiner Gebanten und Empfindungen; aber er fühlte ben Beruf in fich, der Mufe ber Poefie eine beimifche Bohnftatte ju bereiten und ben Muth ihr fein Leben ju weihen. Bie Ronfard und das poetische Siebengeftirn, wie Malherbe und seine Schule, gestütt auf die Boetil, welche Julius Scaliger aus den Dichtern des Alterthums zusammengestellt, die Kassischen Dichtungsformen der antiken Belt nach Frankreich übertragen hatten (X, 704 ff), so wollte auch Opis die beutide Dichtfunft nach ben Muftern und Borbilbern ber Griechen und Romer und ihrer romanischen Junger umgestalten, ben vollsthumlichen Charafter durch eine neue Gefdmadslehre verbrangen. Schon als Symnafiaft ju Beuthen und Informator im Baufe bes taiferlichen Rathes Tobias Scultetus verfaßte er eine lateinifche Rebe "Ariftardus ober über die Berachtung ber beutschen Sprache", die fein Streben ankundigte, die heruntergekommene Dichtkunft, die entweder in die Sande lateinifc foreibender Gelehrten ober unfahiger und ungebilbeter Bolfsbichter und Bankelfanger gerathen war, wieber auf die ihr gebührende Stelle zu beben, und biefem Borbaben ift er fein ganges Leben hindurch treu geblieben. Als er in benselben Tagen, da der Pfalzgraf Friedrich den fuhnen Griff nach der bohmischen Ronigstrone magte, ben Studien an ber Univerfitat Beibelberg oblag, mar er bie Seele bes Bintgreffchen Rreifes, ber fic bie Berpflangung ber antit-romanischen Renaiffancepoefie gur Aufgabe gefest batte, und der Freund felbft mar es, der icon im 3. 1624 in Strafburg eine Sammlung Opipifcher Bedichte erscheinen ließ, Die bald als Mufter bes neuen Runftgefcmads galten. Opis führte ein bewegtes Leben. Bon ben Rriegsfturmen umbergeworfen und wie horag tein Freund bom Bechten und Soldatenwefen, burchreifte er in Begleitung seines reichen danischen Freundes Hamilton, eines der Beidelberger Studiengenoffen Frankreich und die Riederlande, wo er mit den großen lateinischen Schriftftellern, wie de Thou, Sugo Grotius, Seinfius u. a. in Berbindung tam. 3m 3. 1622 folgte er einem Rufe bes gurften Bethlen Sabor nach Siebenburgen, wo er als Professor am Symnastum in Beißenburg thatig war, bis ihn das Beimweh wieder in das Baterland gurudführte. Dann verlebte er eine Reihe von Jahren an verschiedenen kleinen Fürftenhöfen Schleftens nach Art der hofdichter die erwiefene Gunft und den gespendeten Chrenfold mit Schmeicheleien vergeltend. Auch den Dienst bes Grafen Sannibal von Dobna, bem fein tatholifder Betehrungseifer ben Ramen eines "Seligmachers" von Solefien eingetragen, der feine ehemaligen Glaubensgenoffen mit Dragonaden in die Refle trieb, berfomabte ber lutherifche Dichter nicht, ja er überfeste fogar in seinem Auftrag das Buch eines Jefutten, "zur Belehrung der Irrenden." Bon dem Bolentonig Bladiflaw IV. jum hiftoriographen ernannt ftarb Opis in jungen Jahren zu Danzig an der Beft wie vier Jahre guvor fein Freund Bintgref.

Bahrend diefer Beit war Opip unermudlich befilfen sowohl durch eigene lyrische und Die bentiche bidattifceesedicte als durch metrifche leberfepungen griechischer und lateinischer Dramatiter, italientider und frangöfifcher Lyriter und nieberlandifder Dichter (XI., 684 ff.) ben neuen Runftgefchmad zu begrunden, deffen Regeln und Grundfage er in dem beruhmten Schriftthen "von der deutschen Poeterei" schon im Jahre 1624 dargelegt hat. biefer Poetik, welche Opis auf Bitten einiger Freunde in funf Tagen gusammenftellte, erlangte ber folefische Dichter ein gesetgeberisches Ansehen, begann für die beutiche Poefie eine neue Aera. Wie niedrig immer der künstlerische Standpunkt des Berfassers, wie hausbaden und trivial feine Regeln und Bemertungen den nachgebornen Gefdleche tem erfcheinen mogen; dennoch war bas Schriftden bon burchfclagenber Birtung und enthielt unter vielem Schutt und baroden zopfigen Aussprüchen manche Goldtorner. Benn auch feine Ausführungen über die Dichtungsarten einen philisterhaften Horizont beurtunden, wenn auch feine Urtheile über die Alten wenig Berftandnis von dem hoben Sinn und Genius der antiten Boefie verrathen, wenn er in feinen Borfdriften über die deutsche Dichtersprache mit bem gehlerhaften auch manche treffliche Eigenschaft, auch mande urfprungliche Freiheit bor die Thure weift, die Grenglinie zwischen Ratur und Beal, zwifden Rachbilden und freiem Schaffen nicht richtig erfaßt und ben Sauptzweck ber Dichtung neben bem Ergögen in ber "berrlichen Rugbarteit", in ber Belehrung und Befferung erblidt; wenn er auch die Einbildungetraft, die Mutter aller mabren Boefle minder hoch anschlug als Big und Berftand, ftatt Bilder epigrammatische Sprüche einführte; lo hat er doch eine Ahnung von dem "hoben Befen und Dignitat" der Poeffe, von der erhabenen Stellung und Bedeutung der Poeten in der Menschenwelt, von dem Glud und "Ergosen", welches bem Dichter und Beisen aus feinem Schaffen und Studium erwächt; 10 begreift er doch, daß wie fruchtbar immer das Erlernen der Kunftgesetze und afthetiiden Borfdriften für das Anfertigen bon Gebichten fei, der mabre Boet geboren fein und den himmel in fich fühlen muffe. Die hauptbedeutung der "deutschen Boeterei" lag in der Aufftellung ihrer metrischen und profodischen Gesete, in der Ginführung

Mufter bes Florentiner Bereins von einigen fürftlichen und abeligen Berren, unter benen befonders Rafpar von Teutleben hervorragte, die "frucht bringende Gefeilfchaft" 24. Aug. ober ber "Balmenorben" gegründet ju dem Bwed die deutsche Sprache rein gu fprechen und ju fcreiben und fo viel wie möglich von Fremdwörtern frei ju halten, mit ber Devife "Alles jum Rugen". Bie wenig auch unter ben Stürmen der nachften Beit, bei bem Mangel einer tonangebenden Sauptftadt und eines berborragenden Dichtergenius die neue Stiftung ibr Biel erreichte, mit ihrer zopfigen Bebanterie und der Spielerei, die fruchtbringenden Mitalieber mit Ramen aus bem Blangenreich ober andern bezeichnenben Benennungen ju belegen; fo war es doch icon ein Gewinn für die Literatur, daß ein aus hochgebornen und hochgelehrten Mannern bestehender Berein, in welchem der gebilbete gurft Ludwig felbft, "der Rabrende" genannt viele Jahre lang ben Borfit führte, für Sprace und Boefie, für die Bflege geistigen Lebens Intereffe zeigte und auch in den truben Tagen. bie bald nach ber Stiftung über bas beutsche Reich hereinbrachen, ben Sinn fur bobere Suter aufrecht erhielt, ein patriotisches Gemeingefühl begte und nahrte, Die Boltsfprace abelte und wie Schottel und Gueing durch grammatifche Berte die hochdeutsche Sprache für die Biffenschaft und die Boefie ausbildete. Rach Ludwigs Lob tam ber Borfik an Herzog Bilhelm IV. von Sachlen-Beimar, "der Schmachafte" genannt, und nun wurde die alte Statte bes Minnegefanges ber Sauptfig bes Dichterbundes und Reumart von Beimar, "ber Sproffende" als "Erzichreinhalter" der eigentliche bichterifche Bertreter und zugleich ber Geschichtschreiber bes Ordens. Die Protection der vornehmen Orbensglieder erhöhte bas Ansehen der Schriftfteller und ichniste fie bor Schmabungen und Berunglimpfungen, trug aber auch bei, daß eine übermäßige literarifche Productwitat berborbrach, die viel Unbedeutendes und Mittelmäßiges ju Tage forderte. Befonders ris ein wuchernder Ueberfesungsbrang aus allen Sprachen ein. Da die Gefellfcaft trop ihrer fürftlichen Batrone ftets ein Brivatverband blieb, fo lief die individuelle Freiheit nicht wie in Frankreich Gefahr, einem oberften Tribunal bes Gefchmads und ber Sprache au erliegen.

Martin Opis 1597—1639,

Diesem Palmenorden trat auch bald ein junger Mann bei, der berufen war als "Bater und Biederhersteller ber Dichtfunft" in gang Deutschland gefeiert zu werben -Martin Opig aus Bunglau in Schlefien. Aus einer burgerlichen nicht unbemittelten Familie hervorgegangen erwarb er fich durch Studien und Salente wahrend feiner nicht langen Lebenszeit fo viele Chre und Anertennung, daß fein Rame neben den gefeierten Schriftstellern des Auslandes genannt, daß er unter den Fruchtbringenden als "ber Gefronte" bezeichnet und endlich von dem Raifer als Opis von Boberfeld in den Abelftand erhoben murbe. Opit mar tein Dichter erften Ranges, seinen Ruf berbantte er mehr ben formalen Borgugen feiner poetifchen Erzeugniffe als ber Tiefe feiner Gebanten und Empfindungen; aber er fühlte den Beruf in fich, der Dufe der Bocfie eine beimifche Bohnftatte zu bereiten und ben Duth ihr fein Leben zu weihen. Bie Ronfarb und das poetifche Siebengeftirn, wie Malherbe und feine Schule, geftutt auf die Boetif, welche Julius Scaliger aus den Dichtern des Alterthums zusammengestellt, die Kaffischen Dichtungsformen der antiten Belt nach Frankreich übertragen hatten (X, 704 ff), fo wollte auch Opis die beutiche Dichtfunft nach den Muftern und Borbilbern ber Griechen und Romer und ihrer romanischen Junger umgestalten, ben vollsthumlichen Charatter burch eine neue Geschmadslehre verbrangen. Schon als Gymnafiaft ju Beuthen und Informator im Saufe des taiferlichen Rathes Lobias Scultetus verfaßte er eine lateinifde Rebe "Ariftardus ober über die Berachtung ber beutschen Sprache", die fein Streben anfunbigte, die heruntergetommene Dichtfunft, die entweder in die Sande lateinisch foreibender Gelehrten ober unfahiger und ungebildeter Boltsbichter und Bankelfanger gerathen war, wieder auf die ihr gebuhrende Stelle zu heben, und biefem Borhaben ift er fein ganges Leben hindurch treu geblieben. Als er in benfelben Tagen, ba ber Bfalgaraf Friedrich ben fubnen Griff nach ber bohmifchen Ronigetrone magte, ben Studien an der Univerfitat Beidelberg oblag, mar er die Seele des Bintgreffchen Artifes, ber fic die Berpflangung ber antit-romanifchen Renaiffancepoefie gur Aufgabe gefest hatte, und der Freund felbft mar es, ber fcon im 3. 1624 in Strasburg eine Sammlung Opipischer Gedichte erscheinen ließ, die bald als Mufter des neuen Runftgefdmads galten. Opis führte ein bewegtes Leben. Bon ben Rriegefturmen umbergeworfen und wie Borag tein Freund vom Fechten und Soldatenwesen, durchreiste er in Begleitung feines reichen banifchen Freundes Samilton, eines ber Beibelberger Studiengenoffen Frankreich und die Riederlande, wo er mit den großen lateinischen Schriftkellern, wie de Thou, Hugo Grotius, Beinfius u. a. in Berbindung tam. Im 3. 1622 folgte er einem Rufe bes Fürften Bethlen Gabor nach Siebenburgen, wo er als Professor am Symnaftum in Beißenburg thatig war, bis ihn das Beimweh wieder in bas Baterland gurudführte. Dann verlebte er eine Reibe von Jahren an verschiedenen Meinen kurstenbofen Schleftens nach Art ber Hofdichter die erwiesene Gunft und den gespendeten Chrenfold mit Schmeicheleien vergeltend. Auch ben Dienft bes Grafen Sannibal von Dohna, dem fein tatholifcher Betehrungseifer ben Ramen eines "Seligmachers" von Schleften eingetragen, der feine ehemaligen Glaubensgenoffen mit Dragonaden in die Reffe trieb, verschmabte ber lutherische Dichter nicht, ja er übersette fogar in seinem Auftrag das Buch eines Jefuiten, "jur Belehrung der Irrenden." Bon dem Bolentonia Bladiflats IV. jum Siftoriographen ernannt ftarb Opis in jungen Jahren zu Danzig an der Beft wie vier Jahre juvor fein Freund Bintgref.

Bahrend diefer Beit war Opis unermudlich befiffen sowohl durch eigene lyrische und Die beutsche bibattifceBedichte als burch metrifche lleberfetungen griechischer und lateinischer Dramgtikt, italienticher und frangofischer Lprifer und niederlandischer Dichter (XI., 684 ff.) den neuen Runfigefchmad zu begrunden, beffen Regeln und Grundfage er in bem berühmten Schriftchen "bon ber beutschen Boeterei" schon im Sabre 1624 bargelegt bat. biefer Boetif, welche Opis auf Bitten einiger Freunde in fünf Tagen aufammenftellte, erlangte ber folefifche Dichter ein gefeggeberisches Unfeben, begann für bie beutiche Boefe eine neue Mera. Bie niedrig immer ber funftlerifche Standpuntt bes Berfaffers, wie hausbaden und trivial feine Regeln und Bemertungen den nachgebornen Geschlechten ericeinen mogen; bennoch mar bas Schriftden von burchichlagender Birtung und mibiet unter vielem Schutt und baroden zopfigen Aussprüchen manche Goldkörner. Benn auch seine Ausführungen über die Dichtungsarten einen philisterhaften Borizont beurtunden, wenn auch feine Urtheile über die Alten wenig Berftandniß von dem hoben Sinn und Genius der antiten Boefie berratben, wenn er in feinen Borfdriften über die deutsche Dichtersprache mit dem gehlerhaften auch manche treffliche Eigenschaft, auch mande ursprungliche Freiheit vor die Thure weift, die Grenglinie zwischen Ratur und Beal, zwifden Rachbilben und freiem Schaffen nicht richtig erfaßt und ben Sauptzweck ber Dichtung neben dem Ergogen in der "berrlichen Rugbarteit", in der Belehrung und Befferung erblidt; wenn er auch die Einbildungetraft, die Mutter aller mahren Boefie minber hoch anschlug als Bis und Berftand, ftatt Bilber epigrammatische Sprüche einführte; so hat er doch eine Ahnung von dem "hohen Befen und Dignität" der Poesse, von der erhabenen Stellung und Bedeutung der Poeten in der Menschenwelt, von dem Glud und "Ergogen", welches bem Dichter und Beifen aus feinem Schaffen und Studium erwächft; 10 begreift er boch, das wie fruchtbar immer bas Erlernen ber Aunfigesetze und afthetiiden Borfdriften für das Anfertigen bon Gedichten fei, der mabre Boet geboren fein und den himmel in fich fühlen muffe. Die hauptbedeutung der "beutschen Poeterei" lag in ber Aufftellung ihrer metrischen und prosodischen Befete, in der Ginführung

festgebundener Formen für poetische Diction und Bersbau. Indem Opis die Lehte begründet, "daß wir aus den Accenten und dem Ton erkennen, welche Silbe hoch und welche niedrig gesetzt soll werden" und den Grundsas aufstellt, daß man im deutschen Bers mit Hebung und Senkung eben so regelmäßig abwechseln müsse wie im antiken mit Länge und Kürze, richtete er für die neue Metrik das maßgebende Gesetz auf. Daß er zugleich den "heroischen" Bers oder Alexandriner, wie ihn die Franzosen ausgebildet, allen übrigen Bersarten vorzog und in seinen eigenen größeren Dichtungen diese sechsfüßigen in der Mitte durch die stets gleiche Cösur gebrochenen Jamben parademäßig aufrücken ließ, war kein Bortheil für den Bohllaut der deutschen Dichtung. Opis war nicht der Erste, der den Alexandriner gebrauchte und empfahl, aber seine Autorität verschaffte ihm das Chrendürgerrecht auf dem deutschen Parnaß und insofern darf er als der Bugführer, als der "Leithammel" getten.

Die Opisiche Boefie.

Bei Abfaffung der "deutschen Poeterei", die gehn Auflagen erlebte und eine Menge ähnlicher Schriften hervorrief, wie den "Begweiser zur deutschen Dichtfunst" von dem Bittenberger Professor A. Buchner, hatte Opip, obwohl er erst flebenundzwanzig Jahre gablte, bereits ben Bobepuntt feiner poetifchen Leiftungsfabigteit erfliegen : von einer Entwidelung und Fortbildung ift ferner taum eine Spur vorhanden. Seine Arbeiten find die Produtte feiner Studien, feiner Berftandesthatigleit und Reflexion , feiner Aneignungs- und Rachbildungsgabe fremder Borbilder des Alterthums und der Renaifance, die masvollen und überlegten Ausbrude feiner religiofen Gedanken und Gefühle ober seiner trüben und heiteren Stimmungen im Bechsel des Lebens, mitunter auch bloße Gelegenheitsgedicte. Bu der epischen Dichtung konnte fic Opis nicht aufschwingen, so sehr er auch Bergils Meneibe bewunderte. Ein Epos bedarf einer Beit der Sammlung und Ruhe nach einer aufregenden Sturme und Drangperiode; bafur waren aber die Rriegsjahre nicht angethan. Fur das Drama fehlte bem ichlefischen Dichter ber Schwung der Seele und die Anregung einer großen Buhne; obicon er die Antigone bes Sophofles und die Trojanerinnen bes Geneca in deutschen Alexandrinern und mit gereimten Choren übersette und babei von bem Gebanken an bas arme Baterland bewegt ward und an die brudermorderischen Blutscenen, die wie eink vor Theben und Blion fic in Deutschland abspielten, hatte Opis doch teine Borftellung von einer "Ratharfis" von jener die Seele reinigenden und erhebenden Rraft, wie fie Ariftoteles der echten Rur ju der lyrifch-bramatifchen Bearbeitung bes hohenliebes, ba Tragödie beilegt. Judith nach einem italienischen Schauspiel mit Choren und des italienischen Singspiels Dafne waren die Kräfte zureichend. Dagegen entsprach die beschreibende Lehrdichtung gang ber Ibee, welche fich Opis von bem Befen und bem Bwed ber Dichtfunft ausgedacht, in diefer Sattung, wozu auch die Schaferpoefie die Modedichtung der Beit Rimmte, entfaltete er daber feine bochften Talente. Bie tonnte er die Richtigteit feiner Enflat, daß die Boefie eine redende Malerei fei und den Zweck babe zugleich Wohlgefallen und nühliche Belehrung ju ichaffen, trefflicher bewähren, als wenn er moralifche Betrachtungen und landichaftliche Schilderungen in größeren befchreibenden Dichtungen niederlegte? Sia konnte er im Geiste eines Horaz und Bergil und im Geschmad der späteren Renaissance bie Freuden und Reize des Land- und Schäferlebens preisen, Raturbilder zeichnen, vernunftige Lehren und Sittenspruche, fententiofe Beisheit, verftandige Troftworte in gemeffener Rebe und glatten Berfen vortragen, in landicaftliche Befdreibungen Reflegionen und Empfindungen einmischen, Alles mit Das und Ueberlegung ohne überwogenbe Phantafie, ohne zu tiefe Gemuthsaufregung. So entstand auf dem holsteinischen Landgut hamiltons bas "Trofigebicht in Bibermartigkeiten bes Krieges"; fo "Blatna obn bon ber Rube bes Gemuthe" mit einer fiebenburgifden Gegend bei bem Orte und Berg. wert diefes Ramens im hintergrund; fo das philosophische Gedicht "Bielgut ober von

mahren Glud", fo das beschreibende oft geschmadlos übertriebene Lehrgedicht "Besubius". In dem Schafergedicht "Berchnia," einer dem Freiherrn von Schafgotich gewidmeten perfaifden Erzählung, mit Gebichten durchwebt, find die Unfange einer Landichafts. malerei in Borten enthalten. Raturlicher und mannichfaltiger zeigt fic Opis in seinen "poetifchen Balbern", in feinen "Spigrammen" und in ben gabireichen ihrifden Gedichten geifflichen und weltlichen Inhalts, worin er in leichteren jambifchen und trochais fden Berfen und Strophen eine reiche Fulle von Empfindungen, bon Stimmungen, bon Sindruden und Ginfallen bes Mugenblide, bon tiefreligiofen Gefühlen wie bon Belfluft und Lebensfreude entfaltet. Rach feinen Grundfagen hat ja der Dichter den Beruf, "den Menfchen durch Boefie religios und moralifc ju erziehen, ihn wiffenfchaftlich ju bilden, daneben dann auch wieder die Bugel ju lodern und der heiterkeit und dem Genuffe fein Recht angedeihen ju laffen". Darum finden auch Bein, Lieder und Liebe ibre Stelle, und die griechische Mythologie muß haufig mit ihren Gebilben aus-Doch verwahrt er fich in einer entschuldigenden Borrebe gegen den Berdacht, als ob er in feinen bem forag nachgebilbeten Liebesgedichten bon eigenen Schonen und eigenen Freuden und Erlebniffen fpreche, als ob es ihm mit feinen erotischen Befangen Ernft mare, und um mit feinen beibnifchen Gottern ben Frommen feinen Unftof ju geben, erklart er fie für Symbole der Ratur, für menschliche Personificationen und spottet gelegentlich ber "Götterzunft mit ihrem Oberften, ber ben huren nachschlich."

Dpis war tein genialer Dichter, aber ein vielfeitiges Talent, ein Mann bon aus. Dribens gebreiteten Renntniffen in der alten und neuen Literatur und bon regem Intereffe für alles und Eigenwas des Menfchen Geift und Semuth ergreift und bewegt. Sat er boch auch die Pfals fchaften. men und Beinfius' Lobgesang auf Chriftus überfest, und mabrend er in vielen geiftlichen Liedern Die religiofe Frommigleit ber Beit mit der modernen Runftrichtung ju verbinden fucte, bat er zugleich das mittelhochdeutsche Annolied herausgegeben! Ift auch seine Boeffe eine Boefie des Berftandes, die verglichen mit der herzlichen Gemuthlichkeit Luthers und mit ber empfindungsreichen Bollsbichtung talt, troden und platt erscheint; glangen auch feine bichterifden Erzeugniffe mehr burch ihre formalen Borguge, durch Reinheit ber Sprache, burch Glatte bes Bersmaßes, durch Big und Gewandtheit; fo ift er boch kin unebenbartiger Beitgenoffe von Malherbe und Beinfins, nicht unwürdig des Ruhmes, ben ihm die Miflebenden und die nachste Generation zugetheilt haben. Er hat der deutichen Dichtung wieder Achtung und Ansehen verlieben, von der Poeffe felbst und ihren Pflegern eine wurdigere Auffaffung begrundet und nach allen Seiten belebend und anregend gewirft. Selbft in ber religiöfen Dichtung hat er durch feine Rirchenlieder, durch seinen Lobgefang auf die Geburt Chrifti u. A. eine neue Richtung angebahnt, indem er fich nicht an die lutherische Bibel hielt, fondern die geiftlichen Stoffe in eine neue tunfigerechte Sprache und Form kleibete. So ward Opis der Fahnenträger der modernen Dichttunk in Deutschland, der Meifter einer Runftschule, deren Gefete und Regeln ein ganges Sabrhundert lang canonifche Geltung hatten. Bar es ba ju verwundern, daß die Beitgenoffen und die nächsten Gefclechter ihm unendliches Lob fpendeten, ihm den Chrenfit auf dem deutschen Barnas einräumten, ihn zum Muster und Borbild ihres eigenen Schaffens wählten? Bon biefer Sohe hat ihn die neuere Kritit und Aesthetit herabgestürzt; sie hat dem schlesischen Dichter viele Schwächen vorgehalten und ihn für die Sunden feiner Rachahmer und Berehrer verantwortlich gemacht. Man bezeichnete ihn als einen haratterlosen Bobibiener und Schmeichler; allein wann waren denn die Dichter unempfänglich gegen Gonner und Boblibater? Die Runft mußte bamals mehr als je nach Brot gehen und Opis hat nur das Beispiel des hochgefeierten Horaz nachgeahmt wenn er den Spruch befolgte: "des Brot ich es, des Lied ich fing". Man hat ihm die Herabwürdigung ber Dichttunft zu einer handwerksmäßigen Technit und

Aunftübung Schuld gegeben; allein warum hat ihn denn die Boetenzumft als ihrer Grosmeifter anertannt, den unberufenen Chorführer nicht weggeftogen? In Dbig lebte, wie bemerkt, immer noch eine dunkte Ahnung, daß das Fener der Poefie bom himmel famme, daß ber Dichter nicht allein durch Regeln und lebung berangebildet werben tonne, daß ihm von Ratur eine poetische Rraft inwohnen muffe. Benn nun die Rachahmer und Rachbeter den Bufammenhang zwifden himmel und Erde aus dem Gefichte verloren, wenn fie auf feine Borte fowwren, feinen Beifpielen und Borfdriften folgten, fo war bies ein Beichen, bas jenem Geschlechte dichterifche Rraft und Originalität abging, das ihr Auge und ihr Sinn ju ftumpf war, um die wahre himmelstochter ju erkennen und ihr zu bienen. Rur ein machtiger Genius bermag poetische Schöpfungen hervorzubringen, die ihren gottlichen Ursprung in fich tragen und Begeisterung erweden für das Schone und Erhabene; aber eine folche genialifche Rraft wohnte nicht in ber Seele des ichlefichen Dicters; Doit mar ein empfangliches und anregendes Talent, und mit dem Bfund, das ihm die Ratur verlieben, bat er als verkandiger Saushalter gewirthschaftet.

## 4. Deutsche Carifier neben und nach Opik.

Der neue Aunfigefomad erlangte balb die Berricaft in Dentfoland; Dpis felbft erlebte noch die fconften Triumphe feiner Birtfamteit. Alle Lehrbucher über Dichttunft

waren im Grunde nur fpftematifche Ausführungen des Opisiden Cutwurfs; felbft der Buchner "Begmeifer gur deutschen Dichtfunft" bes berftanbigen Buchner, eines Bittenberger Professors und Boeten, hielt fic an die Grundgebanten seines folefischen Beitgenoffen. -Ratholische Besonders fand Opigens correcte Berftandespoepe in vem programmen Dichter. Beifall und Rachahmung, während der Süden und besonders die tatholische Welt sich noch Belbe einige Beit abwehrend verhielten. Jacob Balde aus Cufisheim im Clfas, in Munden und anderen Städten Baierns als Jefuitenprediger thatig, blieb der lateinischen Dichtfunft treu, in der auch Opit feine erften Berfuche niedergelegt hatte, und berfaste eine große Angahl lyrischer Gedichte, religiösen und weltlichen Inhalts, die von hober Sprachgewandtheit und poetischem Erfindungskun Beugniß geben, aber in ihrem Schwulk und ihrer erfünftelten Liebesglut die italienische Rachahmung verrathen. Beniger gelangen 1502—1035, ihm die deutschen Berfe. Gin anderes Mitglied bes Jesuitenordens Friedrich v. Spee, einer altabeligen Familie am Riederrhein entsproffen, berfelbe, ber zuerft burch fein Unkampfen gegen die Hezenprozesse sich um die Menscheit verdient gemacht hat (XI., 1042), bringt in den lyrifden Gedichten, die nach seinem Tode in zwei Sammlungen als "Trus-Rachtigall, oder geiftlich-poetisch Lustwäldlein" und als "Guldenes Lugendbuch" in Koln berausgegeben wurden, die finnlich-religiofe Anschauungsweise bes jefuitifchen Ratholicismus mit Anklangen an das weltliche Bolfs- und Liebeslied und an die mittelalterige Myftit zum Ausbrude. Gin Mann von Gefühl und Raturfinn hat Spee ahnlich den italienischen Malern der Beit die neukatholische Sentimentalität und die eriklichen Idealgestalten in weichen berfdwimmenden Farben und berhimmelnden Zonen in feine Poefie eingeführt, mit einem Reichthum von Bildern, Bergudungen und mpftifden Borftellungen, die eine überreigte Phantafie, ein Schwelgen in landschaftlichem Raturleben und finnlich-religiöfer Gefühlfeligkeit, eine "geiftliche Bolluft", ertennen laffen. Daß aber auch Spee dem Berlangen nach neuen metrifchen Formen und Gefegen nachzugeben fic genöthigt sah, auf Beobachtung des Silbenmaßes und des Accents drang, beweift, wie richtig Opis ben Geschmad und bas Beburfnis ber Beit ertannt hatte. Bie verschieben ift aber die weiche finnlich schwarmerische Raturanschauung des theinischen Sesulten, ber Alles in den Dienft feiner religiofen Borftellungen und fühlichspielenden Chriftus-

phantafien hineinzieht, das alte Bild von der Gemahlschaft der Seele und dem himmlifden Brautigam in unendlichen Bariationen vorführt, von der klaren nüchternen Berftandigleit des Schlefiers! Rur wo Spee in die geschichtlich-realistische Belt fic wagt wie in dem balladenartigen Gedicht von dem Gottesmann Franz Xavier, "in 3apan weitentlegen" trifft er den rechten natürlichen Bolkston, und wo er die Liebe Gottes in den Berten der Ratur foildert, werden feine Berfe fraftiger und fowungreicher. Ueberall tritt jedoch die monchische Lebensanschauung hervor, die in der Berachtung des Irdifden, in dem Schmachten der Seele nach dem himmel, in fcmerglicher Reue und Bufe den Ausdruck wahrer Frommigteit ficht. — Gang in den Borftellungstreifen und in der Bilderphantafie Spee's bewegt fic auch ein folefischer Dichter, der im Begenfat zu den Opitianern der myftifch-fcmarmerifden Richtung folgte, die gleichfalls, wie wir bei Schwendfeld und Jacob Bohme gefeben haben, in dem Oderlande eine Statte hatte — Johann Scheffler aus Breslau, gewöhnlich Angelus Silefius Scheffler genannt. Innerer Sang und außere Beweggrunde machten ibn dem Ratholicismus geneigt, daber fiel es den Jefuiten, die das Modegeschaft der Betehrungen unter öfterreichischem Ginflus und Beistand in Schleften mit Gifer und Erfolg betrieben, nicht gar fower, ibn gum Uebertritt zu bewegen. Er entfagte dem lutherifchen Glauben und vertauschte den argtlichen Beruf, ben er bisber geubt, mit dem Priefterftand. Seine erfte hauptschrift "beilige Seelenluft oder geistliche Lieder der in ihren Jesum verliebten Pfoce" verrath icon durch ben Titel die neutatholische finnlich-mystische Richtung eines Mannes, der "die Bereinigung mit der Gottheit jum Kern feiner Lehre gemacht". Da finden wir wieder jenes Schwelgen in dunkeln Gefühlen und symbolischen Bildern, hier und da untermischt mit warmen Bergensergiehungen und innigen Gemutheregungen, wie wir fie bei Spee bemerkt haben. Berühmter als die Pfpche, bei welcher das Spielen und Tandeln mit finnlich-religiösen Bildern und Ausdruden allzusehr vorherricht, ift der "Cherubinifche Bandersmann. Geiftreiche Sinn- und Schlufreime gur gottlichen Beschaulichkeit anleitend", eine Sammlung religiöfer Sprüche und Sinngebichte, jum Theil aus altern mpflischen Schriftstellern entlehnt, Manches erhaben und tieffinnig, Ranches in unflaren Begriffen einer "geheimen Sottesweisheit" eines Berfenten und Aufgehen in Gott fich bewegend. In seinen spateren Jahren führte Scheffler eine leidenihaftliche Polemit gegen die Butheraner und veröffentlichte eine Sammlung von neununddreifig Streitschriften unter dem Titel "Ecclefiologia", die einen folden Fanatismus und Confessionshaß athmen, daß man darin den Mann des "Sinsseins mit Gott" nicht wieder erkennt, baber neuere Forfcher zu der Anficht neigten, jener zelotische Gegner bes Protestantismus fei nicht der Berfaffer des "Cherubinischen Bandersmann". Als eine Radwirfung diefer antilutherischen Polemit tann Schefflers lettes Bert betrachtet werden: "die finnliche Beschreibung der vier letten Dinge", geschrieben in der finftern Abfict, "die Menschen mit der Borbildung der ewigen Qualen der Solle zur Tugend zu foreden, mit der finnlichen Ausmalung der himmlischen Freuden zu loden".

Auch in den alten Sigen der Bollspoefte, in Strafburg, wo die "aufrichtige Die Begniser Kannengefellschaft" die überlieferte Dichterweise festzuhalten suchte, und in Rurnberg, wo poeffe. der "Begniger Blumenorden" und feine Stifter, der gelehrte und weitgereifte Patrigier (Clajus) aus Meißen der fruchtbringenden Gefellicaft und dem ichlefischen Sangerfürften als Rivalen gegenübertraten, ftraubte man fich gegen die unbedingte Unterwerfung unter die neue metrifche Runftschule. Baredorfer fucte, auf einen Ausspruch des bollanbischen Dichters Bondel gestütt nachzuweisen, daß Opit kein echter Dichter sei, weil es ihm an Erfindung fehle und feine meisten Arbeiten nur Um- und Rachdichtungen feien. Allein was er felbst und die andern Mitbegründer des "gefrönten Blumenordens" an

poetischen Broducten ju Tage forberten, ftand tropbem baß fie bie metrischen gorma

und die Reimtunft bereicherten und burch Dactplen und Anapaften bie leidenschaftliche Erregtheit andeuten zu tonnen mabnten, boch weit hinter ben Arbeiten ber Schlefter gurud. Bie fehr die Begnigbichter, die fich hirtennamen aus Sibneps überfettem Schafaroman "Arcadia" beilegten und auch Frauen in die Genoffenschaft aufnahmen, ben Ruhm ber Originalitat anftrebten, fo daß Bareborfer im Gegenfat ju Opit eine eigene Poetil verfaste unter dem geschmacklosen Titel: "Poetischer Trichter, die teutsche Dicht- und Reimtunft in feche Stunden einzugießen", ein Bert bas fich als "Rumberger Trichter" fortan im Sprichwort erhalten bat, fo nahmen fie doch bei ihner Schäferpoefie theils Opis felbft, befonders feine Bercynia, theils die hirtengebichte ber romanifden Boller jum Borbild, ja die Poetit Barbdorfers war wie die gange Begniger Schaferpoefie nichts als eine ins Schwülftige und Breite gezogene Umarbeitung bei älteren Buches. Rur darin waren ihre Dichtungen originell, daß fle in gefcmadiofen Bildern und Gleichniffen, in Ueberladenheit und Bombaft, in funftlicher Spielerei mit Alingreimen und Raturlauten über alles Daß binausgingen. Bie ben Lowen aus ba Rlauen, so erkennt man nach ihrer Meinung ben echten Boeten aus schonen Beiwörten und baran ließen es benn bie rebfeligen und ichreibfertigen Triumvirn von Rurnberg, der pedantifchegelehrte Baredorfer in feinen "Gefprachfpielen", "geiftlichen Gefciotreben", "Andachtegemalben" und zahllofen andern Berten, ber "weltberühmte Urheber Rlaj 1816 der dacthlifchen Lieder" Johann Rlaj, in feiner "Bollen- und himmelfahrt Iiu Birten Chrifti" und der gefchichtes und fprachtundige Sigmund Betulius oder bon Birten, 1626-81. genannt Floridan in feiner pompofen, goldflitterigen Fest- und Gelegenheitsbichtung. in feinen "Gefchicht-Gedichten" ober "Gedicht-Gefchichten", wie er ben Roman verdeutfcend nannte, in feinen "geiftlichen Beihrauchtornern" und in den dramatificten Ging- und Schaferftuden nicht fehlen. Die Rurnberger Dichter, unter denen fich noch außer den genannten Dich. Dilherr und M. Dan. Omeis durch geiftliche und weltliche Gedicht und Frau Cath. Reg. von Greiffenberg durch ihre "Siegesfaule" und "geiftliche Sonette" berborthaten, fuchten burch gezierte Runftelei ihre bichterifche Formgewandtheit ju zeigen; fie bilbeten in ihrer Bortmalerei das Raufchen der Balber, das Riefeln der Bache, die Tone des Geschüpes und der Trompete nach, fie machten den Bersuch, ihre Poefie in die Form eines Reichsapfels oder eines zweigipfeligen Parnas zu fleiden; ihre gange Dich tung tritt in verkunfteltem Schaferftil auf; hirtenlieber und Bingergefange galten ihnen als die höchfte und ursprünglichste Dichtungsart, die fie denn auch in allen möglichen Geftaltungen als Schaferromane, Allegorien, Sinngebichte, Barabeln, Fabeln gut Anwendung brachten. In geiftlichen Ellogen wurde Chriftus als hirte gefciert, wie foon Balde und Spee gethan. Mus den Graueln und ber Barbarei der Rriegsjehn, die dem Beftfälischen Friedensschluß vorangingen, flüchteten fich die Rurnberger Dichter in das Phantasiegefilde einer extremen Bealität, "wo nur die Liebe graufame Bunden schlägt, wo Alles friedlich unter Rosen und an stillen schönen Bächen und in finntric geschnörkelten Butten gezierter Garten beim Rlang der Pansfloten und Schalmeien lebt. und nur verfchmähte Liebe ober ber Schmerg um ein gamm das Leben trubt". Gi find idyllische Landschaftsbilder im Bopfftil, die nur felten an die Innigkeit eines Claude Lorrain erinnern. Und bennoch hat fich der Pegniger Blumenorden bis auf den hentigen Tag als literarifche Gefellschaft in ber alten Beimath bes Meiftergefanges erhalten Es lag unter der schwächlichen Sulle boch ein gefunder Rern verborgen: ein frommer chriftlicher Sinn, deutsche Treue und burgerliche Tugend, und der 3wed bes blumigen Bereins, fittliche Reinhaltung der Dichtung und Förd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leuchtet unter aller Manierirtheit hervor. Bon Rurnberg aus verbreitete fich der Gefchmad für bie Schaferpoefie auch nach andern Gauen der deutschen Erbe, nach Bolfenbuttel, m

ber Sprachforider und Rirchenliederdichter Schottel Die tandelnde und bombaftifche Bildnerei eines Rlai und Birten nachabmte, und nach Gelmflädt, wo der Schlefier Enoch Glafer in feiner "Schaferbeluftigung", in "hirtengedichten und Scherzliedern" bald bie Rumberger bald feinen Landsmann Opis fic ju Borbildern mabite.

Freier und fraftiger entwidelte fich die Poefie im nordlichen Deutschland, wo die Baul Opissche Dichtungsweise und Berklehre von masgebendem Ginfluß war, wenn fie auch 1809-1840. nicht allenthalben gur bollen Geltung tam. Paul fleming, geboren in der fachfifden herrschaft Schonburg, in Leipzig auf der Thomasschule erzogen und für die "fuße Luft ber Rufit, ber Rummertröfterin" begeiftert, auf ber Univerfitat bem Studium der Mediein fich midmend, zeigte icon als Jungling eine hervorragende Begabung gur ibrifden Boefie, die zu den größten Erwartungen berechtigte. Aber eine mehrjahrige Reife, die er in Begleitung feines Freundes und Gonners Abam Dlearius im Gefolge einer Gefandtschaft des Herzogs von Holstein-Gottorp nach Rufland und die Wolga abwarts über bas tafpifche Meer nach Berfien mitmachte, entfremdete ibn ber Beimath. Bahrend Olearius auf diefen Banderungen den Stoff für feine "Moscowitische und Berfianifche Reifebeschreibung" und die Unregung ju feinen Ueberfetungen orientalischer Dichter fand, fog der weniger fraftige fleming auf der gabrt den Reim einer Rrantheit ein, die ihn bald nach seiner Rudtehr in Samburg, wo er fich als Arzt niedergelaffen, in ein frubes Grab fturzte, ebe er feine dichterifden Anlagen zu fruchtbarer Entwidelung ju bringen vermochte. Fleming übertraf feinen Beitgenoffen Opis weit an natürlicher Begabung wie an Gefinnung und Charafterfestigkeit. "Die Gedanken ftromten ibm leicht zu; er hatte tiefes Gemuth, Phantasie und Unmittelbarteit des Ausdruck". Der neuefte Berausgeber feiner Gedichte, 3. M. Lappenberg, will ihm eine Stelle unter ben größten Dichtern anweisen. Manche feiner Lieber erinnern burch ihre Gemuthlichkeit und durch ihren treuherzigen Ton an Balther von der Bogelweide; nur daß auch bei ihm das hereinziehen des mythologischen Apparats, der Götter und Ahmphen den baroden Gefchmad ber Beit verrath. Gelegenheitsgedichte, Liebesgefange, geiftliche und weltliche Lieder, Epigramme und Sonette, gelungene Uebertragungen italienischer Dichter bilden den Inhalt feiner poetischen Berte. Sein Reiselied, das fich als Rirchengefang erhalten hat : "In allen meinen Thaten laß ich den Höchsten rathen"; das bekannte Sonett "an fich" und feine eigene, drei Lage vor feinem Tod verfaste Grabichrift geboren zu feinen ichonften Arbeiten und geben Beugniß von der "bellen ftarten Dichterfreudigkeit" bes liebenswurdigen Mannes, der "vergonnte Frohlichkeit" liebte, der wie er selbft von fich rubmt, von Jugend an in Sanftmuth auferzogen, von dem Riemand je belogen und betrogen worden, deffen Sinn ohne galfc, in ftiller Einfalt tlug gewefen. Gine Schule vermochte der turglebige Fleming, der bem Borgefühl feines frühen hingangs oft in elegischen Sonen Ausdruck gibt, nicht zu gründen; doch mag die frifche, frede Lieberdichtung, die über die Convenienz und Geziertheit fich megfenend mitunter ins Derbe, Ausgelaffene und Muthwillige gerieth, die "deutschen Gefange" eines Sindelthaus, die Liebes- und Erinklieder eines Somburg, eines Greflinger, eines Sowieger, Brebme u. a. ihre Unregung von bem fachfichen Sanger empfangen baben. "Geladons weltliche Liebe" und "weltliche Lieder" von Greflinger, Schwiegers "Geharnifcte Benus" und "Liebesgrillen" find ein teder, frisch-finnlicher Griff ins realiftifde Leben.

Samburg, wo Bleming farb, wo die meiften der genannten erotischen Dichter Der Gamihren Bobnfis hatten, mar im fiebenzehnten Jahrhundert ein Mittelpunkt des miffen- tertreie. icafklichen und literarifden Strebens, das aus dem benachbarten Golland manche Unregung empfing. In Samburg ließ fich auch Philipp Befen aus dem Anhaltiden Befen nach einem fahrigen unruhigen Leben nieder, ein Mann der gelehrte Studien gemacht,

Frankreich und Golland bereift hatte und in lateinischer, franzöfischer und hollandischer Sprache ju fcreiben und ju bichten vermochte. Befen entfaltete eine große literarifde Thatigleit : er war Dichter, Romanschriftfteller, Aefthetiter und Gelehrter, aber wegen feiner wunderlichen Grillen und Sonderbarteiten viel verspottet und angefeindet, batte er manche literarische gebbe auszufechten, manche Schmabung und Rachrebe zu befteben. Erondem daß er von feinem Anhaltichen gurften fortwährend in Chren gehalten, von Danemart beschentt, von dem Raifer geadelt und mit der Pfalzgrafenwurde begabt, bon ben hollandischen Gelehrten Grotius und Boffius empfohlen ward, fand er doch teine rechte Geltung und hatte mit Armuth und Biderwartigfeiten aller Art ju tampfen. Befen war der Stifter und das Haupt der "deutschgefinnten Genoffenschaft," die fich die Reinheit der deutschen Sprache, die Beseitigung von Fremdwörtern und undeutschen Musbruden, Die Berbefferung der Grammatit und Rechtschreibung gur Aufgabe feste, ber flieg fich aber in feinem Cifer fur Burismus ju unfinnigen lacherlichen Berbeutschungen und zu munderlichen orthographischen und etymologischen Ginfallen. Selbft die mothologifden Gotternamen follten burch beutiche Begriffsmorter erfest, Jupiter gum "Erggott", Juno jur "himmelinne", Pallas jur "Aluginne", Benus jur "Luftinne" umgewandelt werden. Schon mit einundzwanzig Sahren verfaßte Befen einen "Bochdeutiden Belicon ober Grundrichtige Anleitung jur hochdeutiden Dicht- und Reimfunft", worin er eine großere Manichfaltigfeit der dichterifchen gormen und Berbarten nach der Beife der Italiener, des Marini und feiner Schule empfahl (X., 353 f.); aber feine eigenen Dichtungen litten trop feines Befallens an anapaftifden und bactplifden Berfen gang an dem schlechten Geschmad der Beit; feine Fischartschen Bortspielereien und fein Reimgeklingel reigten gur Spottsucht und zu gehäffigen Rrititen. Benn die Sedichte und Lieder, die er in dem "allzuhitigen Braddel der vollblutigen Jugend" verfaßte, die "Jugendflammen" und "das dichterifche Rofen- und Lilienthal", noch einiges natürliche Befühl, noch Sinn für Liebe und Beltluft berriethen; fo berfiel er in den Gedichten feiner fpateren Beit, in feinen "Gefreuzigten Liebesflammen", ober "geiftlicher Gebichte Borfchmad", in seiner poetischen Behandlung der Rachahmung Christi von Thomas a Rempis u. a. gang in religiofe Mpftit, in eine elegisch-empfindsame Boefie, die besonders den frommen Frauen zusagte, von denen er daber auch sehr gefeiert ward und denen er Butritt ju feiner Genoffenschaft gestattete. Um meisten machte fich Befen befannt durch Romane im frangofischen Gefchmad, theils Rachbildungen, theils Ueberfegungen der Scudery (S. 704. 711), durch feine "Berfcmahte, doch wieder erhobte Majestat" eine romanhafte Erzählung der "Begebniffe Rarls II. Rönig von England"; durch feine "Befchreibung der Stadt Amfterdam", die bon feinem Beobachtungefinn zeugt. Dagegen find der Lehrroman "Affenat", worin an die Liebesgeschichte Josephs jur Tochter des Oberpriesters von Seliopolis allerlei Anfichten über orientalische Alterthumer, über Staat, Runft, Gefellichaft und Religion der Megppter gefnupft merden und "Simfon", deffen Belben- und Liebesgefdichte ben Bettel oder Aufzug eines geschichtlichen Gewebes bilben, in bas bann allerhand Gelehrfamteit und Beisheit in gefcmadlofer Breite und bombaftifcher Rede eingeschlagen wird, eine ungludliche Berquidung

loser Breite und bombastischer Rede eingeschlagen wird, eine unglückliche Berquickung Schupp von Kunst und Gelehrsamkeit. — In Hamburg verbrachte auch Ish. Balth. Schupp iden Geben siehen Lebensjahre als Pastor zu St. Jacob, ein Dichter und vielseitiger Schriftsteller. Um bekanntesten machte er sich durch seine in Lucianischer Gesprächsform versahten Satiren (Regentenspiegel; Deutscher Lucianus; Ralender; Geplagter Hiod; Freund in der Roth u. a.), welche durch die unbefangene Auffassung der Beltverhältnisse, durch die frische Bolksrede, durch geschiedt eingessochtene Schwänke zu den besten Producten des Jahrhunderts zu zählen sind. "Bas Schupp schreibt und predigt, Erzählung, Abhandlung, Streitschrift, Litanei u. s. w., Alles wird durch seine voll

bineingelegte Berfonlichteit lebendig und daratteriftifd. fomit ins Boctifd-Schopferifde bineingezogen". Er war ein Dann von Big, Denfchentenninis und Berftand und jeber Bebanterie Feind, munter ohne Gefdmapigteit, beutlich ohne Breite, tornig und berb doch immer bescheiden. "Gin bigiger Ropf, ein beutsches Maul, aber ein ehrlid Berg".

Reben Samburg erhielt fich auch in Sachfen, in den Stadten Leipzig und Dicter in Dresben eine Dichtung, die nicht gang in die Opisiche Manier einging, sondern wie ganben bei bem Rechtsgelehrten 3oh. G. Schoch und bei David Schirmer aus Freiberg, Bibliothetar und hofpoet in Dresben, eine felbftandigere Stellung zu behaupten fuchte, bald nach Hamburg, bald nach Rurnberg ihre Blide wendend. In Schirmers "Poetifdem Rofengebuid" finden fich Antlange anatreontifder Lieber und in Schochs braftis fcher "Romodie vom Studentenleben" muß die gespreizte Sittenlehre der Beit einem derben Naturalismus weichen. Den sächsichen Dichtern tann auch ber icon erwähnte Georg Reumart beigegablt werben. Denn obwohl er langere Beit in Rordbeutschland, in Reumart Ronigsberg, Danzig, Samburg gelebt, ift er doch in Thuringen geboren (in Dublbaufen) und gestorben (in Beimar). Bir tennen ibn als ben Berfaffer bes fconen Rirdenliebs "Wer nur den lieben Gott lagt walten", das noch jest eine Bierde ber evangelifden Befangbucher bilbet. Rach einer alten Sage war der mufitliebende Dichter einst in Samburg in folde Roth gerathen, bag er fein Lieblingeinstrument, die Biola bi Samba vertaufen mußte; als er bann in Folge einer Anstellung in die Lage tam, ben verlauften Schat wieder zu erwerben, foll er in feiner Berzensfreudigleit das Lied gedichtet haben. Mit biefem tonnen aber Reumarts übrige Schriften teinen Bergleich Sein "Boetifder Luftwald" und fein "poetifd-hiftorifder Luftgarten" enthalten Belegenheitsgebichte, Schaferlieber und Ergablungen aus ber alten Befchichte mit Berfen untermischt, in berber Rieberlander Genremaleret, gemein in ber Sprache und trivial im Inhalt. Sein "betrübt verliebter doch endlich hocherfreuter Birt Filemon" ift eine abgefdmadte Liebesbefdreibung zweier hocheblen Berfonen in Geftalt einer Schafergefcichte in gereimter und ungereimter Profa. Bei Reumart und noch mehr bei feinem Geiftesverwandten Joh. Sg. Albinus aus Raumburg, dem Berfaffer des Albinus Rirdenlieds "Alle Menfchen muffen fterben" und mehrerer erbaulichen Schriften, ift eine farte Annaberung an die fcmulftige Schaferpoefie der Rurnberger und an die moralifirenden Bedichte ber Richerlander, insbefondere bes "Bater Cats" (XI., 688) nicht ju bertennen. Auch Johann Frande, Ratheherr und Burgermeifter in Guben, deffen Rirdenlieder an Innigfeit mit ben Gerhardichen berglichen werden tonnen, ift in seinen weltlichen Gebichten ("Irbifcher Belicon") matt und trivial. Seine "Baterunfer-Barfe", eine Sammlung von 333 turgen, meift einstrophigen Gebichtchen über das Gebet des herrn, erinnert ftart an die Rurnberger Spielereien.

Die eifrigften und ergebenften Anhanger gabite Dpit in feiner Beimath und im Das norb nordöftlichen Deutschland. In Schleften murde die gange Jugend durch bas Beispiel De und die Erfolge des Landsmannes angeregt, fich poetifc ju verfuchen, und grundete eine Schleften. wahre Bfiangidule von Dichtern ber neuen Art. Allein im Lande ber Ober galt ju allen Beiten ber Spruch : "Gehet bin in alle Lande und lehret alle Bolter", die Diener ber Rufen verließen die Statte ihrer Geburt und trugen ihre dichterifchen Gaben und Lehren nach anderen Orten, nach Ronigsberg, Dangig, Roftod, wo fich bald Dichterfreise bildeten, die in die Fußstapfen des Meisters traten, sodaß Simon Dach ihn anreben tonnte, wer feiner fußen Sand folden Rachdrud gegeben, "daß das gange Rorben-Land, wenn ihr folagt, fich muß erheben". Schleffen felbft bat nur wenige Dichternamen aufzuweisen, wie ben von Leffing gerühmten Andr. Scultetus, wie Bengel Scherffer, Boet und Tontunftler, wie Dan. von Czepto. Erft einige Beit nach Opis

feierte Schlefien ein neues golbenes Beitalter ber Dichtfunft. Dagegen lebten in ben Stadten am Strande ber Oftfee viele thatige Junger, die wie Joh. Beter Eit in Dangig, ben Ruhm bes Meifters verfundeten und in feinen Begen manbelten. In iener Sandelsstadt an der Oftfee verbrachte auch ein anderer Schleffer, David von Someinig ben größten Theil feines Lebens, der Berfaffer der elegifchen Undachts. bucher: "Geiftliche Bergensharfen" und "Evangelische Todesgedanten." — Befonders Ronigsberg. war die Universitätstadt Ronigsberg, wo feit den Lagen der Reformation ein wissenfcaftliches Leben fich regte und einft durch Lobwaffer (X., 916) ber Sinn fur geiftliche Dichtung gewedt worben war, ein hauptfit poetifchen Schaffens als ber erwähnte Simon Dach aus Memel dafelbft den alten Gefang "ohne Gefchid und Bier" abstellte und die neue "Runft ber beutschen Reime" begründete. Mit ihm verbanden fich einige gleichgefinnte Freunde, bor Allen der Rathsherr Robert Roberthin und ber Lontunftler &. Albert zu einem Dicterbund. Sie führten Schäfernamen wie die Begnisbichter ober verftellten ihre Ramen in anagrammatifcher Rathfelweife. Albert bat viele Gedichte der Freunde und feine eigenen in Mufit gefest und unter den Titeln "Arien und Melodien", "Mufitalische Rurbishutte", "Poetisch-mufitalisch Lustwaldlein" herausgegeben. Ein Geift der Schwermuth und der Trauer herricht in ben Liebern biefer Sanger, die meiftens fruh in's Grab fanten, ober in den Jahren der Beft, bon welcher Ronigsberg mehrmals beimgefucht marb, ben Tob vieler Geliebten zu betrauern In Raturgefangen, in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Liebern, in Gelegenheitsgebichten fprachen fie ihre buftern Lebensanschauungen aus und ihre elegtiden Stimmungen im Borgefühl, daß Alles balb ju Ende gebe. Sie machten fich noch bei Lebzeiten Bei folder Geiftesrichtung mar es natürlich, das ihnen Grablieder unter einander. bas ernfte religiöse Lieb am beften gelang. Dach's getftliche Gebichte fließen aus bem Bergen und ftimmen gur Anbacht, mabrend bie Belegenheitsgebichte, in benem er als hofpoet ben turfürstlichen "Belben" und Frauen Beihrauch ftreut, burch die langweilige Leerheit wie durch ihre poetifche lleberschwenglichkeit ungeniesbar find. plattdeutsche Lied "Mennchen von Tharau", bas Berber ins Bochdeutsche übertragen und bas noch jest ein Lieblingsgefang bes Bolles ift, von Dach herrührt ift ungewiß. Rofted Bie in Abnigsberg fand auch in Roftod die Poefie Pflege, als Andreas Ticher. ning aus Bunglau, Opipens Landsmann an ber bortigen Bochicule als Brofeffor der Dichtfunft wirtte. Auch Tichernings "deutscher Gedichte Fruling" und "Boetifche Schaptammer" athmen die trube weltverachtende Stimmung, die in den Rönigsbergern zu Tage tritt. Rörper- und Gemuthsleiben, die ihm einen frühen Lod brachten, und bas Elend ber Beit führten ihn zu der elegischen Rlage, "bas ihm ber Sinne Bohnhaus vom Rebel ber fcmarzen Traurigkeit eingenommen fei". 88ift 1607 feiertste Dichter nach Opis mar Johann Rift, aus Ottenfen bei Altona, ein Mann von vielerlei Renntniffen, julest Prediger in Bedel an der Elbe und Medlenburgifcher Rirchenrath. Mitglied der fruchtbringenden Gefellichaft, als der "Ruftige" bezeichnet und des Begnipordens, wo er ben Ramen "Daphnis aus Cimbrien" führte, hatte er viele Freunde und Lobredner, die ihn wohl als "Fürft aller Poeten in ganz Deutschland" priefen. Er murde Pfalggraf, getronter Poet und fogar vom Raifer Ferdinand III. in den Adelftand erhoben. Er grundete den "Schwanenorden an der Elbe", als Pflangfoule ju der fruchtbringenden Gefellschaft, in dem nur "gute Leute und finnreicht Beldengeister" aufgenommen wurden. Und wie wenig verdiente dieser "nordische Apoll" ben Ruhm, ben ihm die Beitgenoffen fpendeten. An Fruchtbarteit freilich ftand er feinem andern Dichter feiner Beit nach : "Es rinnt ja fo" bat einmal fein literarifder Gegner Philipp von Befen den Ramen Johannes Rift anagrammatifc zerfest, wofür diefer feine Biberfacher als "leichtfertige Buben und Landlaufer" bebandelte; Die Babl feiner geift-

lichen Lieber belief fich allein auf fiebenthalbhundert! Soon in feiner Jugend erfcbien von ihm eine Sammlung fprifcher Gebichte "Musa toutonica b. i. teutsche poetische Miscellaneen", theils Eigenes, theils Ueberfegung und Rachbildung, die einen frifchen Bug haben, von Liebe und von Landleben fingen, Guftav Adolfs Tod betlagen und Bernhard von Beimar preisen. Auch fein "Boetischer Luftgarten", feine "hirtenlieder an Salathea" und fein Singfpiel "Blorabella" laffen noch in ihrem Zone die italienischen, spanifchen und frangofischen Mufter ertennen und haben noch eine vollsthumliche Aber. Aber bald "jog er, als er ju Berftand tam, die junge Sand von Benus ab und trieb bas große Bert ber Engel, geiftliche Lieber ju fcreiben". Er erklarte, bas bie weltlichen Gebichte wider seinen Billen befannt gemacht und ohne fein Biffen in Rufit Ermuntert burch ben Beifall, ben ihm feine geiftlichen Gedichte eingefest worden. brachten, ("Ermuntre bich, mein schwacher Beift"; "Silf herr Besu las gelingen", "D Ewigkeit bu Donnerwort"; "Berde munter mein Gemuthe") widmete et fich faft ausschlieflich bem religiofen Gefang und munichte in ber Borrebe ju feinem "poetischen Schauplay" (1646), "daß alle feine Jugendverfe, barin ber Benus und Cupido's gebacht werbe, unverzüglich ins geuer geworfen wurden". Gelbft die Alten find ibm jest ein Aergernis; er will den Terenz aus der Schule verbannen und meint in seinem "neuen beutschen Barnab", aus ben Schriften ber Beiben muffe man die Beisheit wie aus einem Misthaufen die Berlen aussuchen; er verabscheut Leba und Jupiter, hymen und Abonis und wie die "fauberen Burfche" alle heißen. Aber wie fehr immer die religiöfen Sedicte, die er in vielen Sammlungen befannt machte ("Reue himmlifche Lieber"; "bet an das Kreuz geheftete Zefus Chriftus"; "Sabbathifche Geelenluft"; "Alltägliche Hausmufit frommer und gottfeliger Chriften"; "Mufitalifde Beftandachten" u. a.) in gang Deutschland, felbft in tatholifchen Areisen geruhmt wurden und ihm eine Falle von Chrengebichten und Auszeichnungen aller Art eintrugen; mit wenigen Ausnahmen bewegten fie fich in gewöhnlichen driftlichen Bilbern und Borftellungen, in trivialen frommen Rebensarten ohne Schwung und Innigleit, schwantend amischen gezierter Ueberfowenglichteit und profaifcher gaglichteit. Rift machte aus ber geiftlichen Lieberbichtung ein Gefchaft, daber ben meiften ber handwertsmäßige Charafter anhaftet; fie follten für alle Berhaltniffe und Lagen bes driftlichen Lebens bienen. Biele waren oberflächlich bingeworfene breite und feichte Reimereten, eben fo faft- und fraftlos wie feine moralifden oder belehrenden Gefprache in Brofa über "das alleredelfte Rag" "bie alleredelfte Beitverturjung" oder feine allegorifchen Schauspiele "das friedewunschende Teutschland" u. A. Ein frommer Ciferer auf der Rangel fcheute fich Rift doch nicht, feine Gegner zu berbachtigen und ju verleumben.

### 5. Epigramm. Satire. Profadichtung.

Sebe Uebertreibung nach einer Seite erzeugt naturgemäß den Gegensat als Cor- Wefen bes Epigramrectiv. Go mußte fich auch gegenüber ber gespreigten breiten Runftdichtung ber Opig- mee. fchen Schule, die glatt in den formen aber arm und leer an Gebanten und Gehalt fich anmaßend in den Bordergrund brangte, eine reactionare Stromung geltend machen. Das Gemuthe. und Phantafteleben mabite bas Rirchenlied jum Gefaß feiner Gefühle und Betrachtungen, die Berftandesscharfe suchte im Epigramm ihren Ausbrud. Sowohl die Griechen und Romer als die Schöpfer der Renaiffancepoeffe liebten eine Dichtungs= gattung, in welcher haufig auf Grund einer Rebensart, einer Anetoote, eines Sprichworts ein überraschender Gedanke mit einer wigigen Wendung (Pointe) in ahnlicher Beife jum Bewußtfein gebracht wird, wie in der gabel die moralifche Ruganwendung. Die griechischen Anthologien und der romifche Dichter Martialis (IV., 305 f.) boten

viele Beispiele für eine Dichtungbart, die in fnappfter gorm die mannichfaltigften Gebanten abrundete und mit einer icharfen Spipe fatirifder, fpottender ober belehrender An ihrer Band haben besonders die Frangofen die Cpigrammen-Richtung abschloß. dichtung bearbeitet und häufig jum Ausbrud ihrer oppositionellen Gefinnung gemacht, bie in anderer Gestalt nicht laut werben durfte; und in England batte jur Beit Glifabethe und Jacobe I. der arme Boet John Owen feine Gedanten und Lebensanfichten in lateinischen Gebichten dieser Art niedergelegt, die von feiner icharfen Beobachtungs. gabe und Menschenkenntnis Beugnis geben, nicht felten jedoch auch durch Eribialität und eintönige Bieberholung berfelben Gedanten und Bipe ermuden. Auch in Deutschland fand die Epigrammenpoefie einen fruchtbaren Boben : Opis felbft und fein Freund Binigref gaben den Anftof bagu. Man fammelte und überfeste was man bei Andern vorfand und verarbeitete eigene Einfälle, Bige und Gedanken nach ältern Borbildern. Sie verglichen ihre Thatigkeit mit ber Arbeit der Biene : "fo wie diefe follte das Sinngedicht Sußigkeit mit fich führen und einen wohlthatigen Stachel im Gemuthe gurude laffen." Der bedeutenofte Spigrammendichter, deffen Berth jedoch erft die spateren Logau Gefclechter ertannten und würdigten, war Friedrich von Logau, einer alten schlefischen Abelsfamilie entstammt, in beffen Sinngedichten fich Bis, gefunde Lebensanfichten und ein freier unabhangiger Beift aussprachen. Die "bundert Teutide Reimen-Spruce Salomons von Golaw" enthalten viele freimuthige Bemerkungen und Anspielungen auf die damaligen öffentlichen Buftande und Sitten, nur bag bas Berfonliche fich ju baufig unter dem Allgemeinen verbirgt, daß das Epigramm mehr als "Ueberschrift" und Spruchgedicht auftritt. Logaus Spruche, bemerkt Gervinus, "fließen aus den Lebenserfahrungen eines vornehmen und boch befcheibenen Mannes, ber von Aniebeugen und Mügenruden tein Freund war, der für fich ein König in feinem Saufe, nicht Bedermanns Anecht fein wollte, aber doch der Belt Geschäfte in reichem Rase zu beforgen hatte". Löber Gleichzeitig mit Logau hat der Bremer Arzt Balentin Lober die Spigramme Owens mit Gefdid und Sprachgewandtheit ins Deutsche überfest. Andere haben, wie Rafpar Biegler von Leipzig, das bei den Italienern und Franzosen beliebte Madrigal als Befaß für ihre Gedantenfpane gewählt, eine Dichtungsform, die nach ihrer Reinung mit dem Epigramm das gemein hat, "daß es wenige Borte und weite Reinungen mit sich führe, dadurch es mit einer artigen Spipsindigkeit in den Gemuthern ein ferneres Rachdenken verurfache und bismeilen ein feines Morale oder Spruch einprage". Auch die Rathfelbichtung, die damals eifrig gepflegt mard, verfolgte ein abnliches Biel, Schar-Satire. fung des Berftandes. — Bie neben Martial im faiserlichen Rom Perfius und Juvenal ihre Beißel über die Lafter und Gebrechen der Beit schwangen, fo regte fich auch in Deutschland neben dem Spigramm die poetische Satire, die man ju jener Beit nur fur eine Erweiterung der epigrammatischen Spruchdichtung ansah. So tief ind Fleisch einschneis dend wie jene Romer oder wie die humanisten der Renaissance waren freilich die deuts schen Satiriter des siebenzehnten Jahrhunderts keineswegs; auch sie begnügen sich die fehlerhaften Erfcheinungen der Beit, das Berkehrte und Entartete in der Gefellschaft in grellen Bilbern vorzuführen. Richt die hohe Satire, die bas Machtige und herrichende am Makstab eines Ideals mist und mit Ueberzeugungstreue und sittlichem Ruth die häßlichen Buge unter der weggeriffenen Larve zeigt, tonnte an dem Hof- und Univerfis tätsleben jener Tage fich hervorwagen, sondern nur der Tadel und Spott über die thörichten Gewohnheiten, Sitten, Gebrauche, Reuerungen, die durch deutsche Rachab-Lauremberg mungefucht eingebrungen. Go hat Bilbelm Lauremberg, ein weitgereifter Rann von vielseitigen Renntniffen, Brofeffor der Mathematit in Roftod, in feinen "vier

> Sherzgedichten" in plattdeutscher Mundart "die Beränderlickeit in allen menschlichen Dingen und das Richtige des Modemesens der Beit" anschaulich aber oft in derben und

schmutzigen Ausdrücken geschilbert. Er spottet über den "jetzigen Bandel und Manieren der Menfchen", über die "alamodifche Rleidertracht"; er gibt eine wigige und lebendige Parftellung von "allemodifchen Sprache und Liteln", von "allemodischer Boefie und Reimen", nicht in dem Tone eines morofen Sittenrichters, fondern eines ftoptischen Alten, der fich über die Reuerungen luftig macht und an der alten Boltsfitte, Boltsfprace und Boltedichtung fefthalt. Much Andreas Gropbius, den wir an einem andern Orte fennen lernen werden, und Joadim Rachel aus Schleswig zeigen die Zehler und Gebrechen ber Beit im Spiegel ber Satire; aber fie haben ihre poetifchen Rachel Formen den Alten und den Opigianern abgelernt. Racels Sprace und Bersart ift tunftmäßiger und correcter, feine Beobachtungsgabe feiner und verftandiger, die Darftellung regelmäßiger und weniger unanftandig; bagegen fteben feine "beutiche fatirifche Gebichte" in glatten Alexandrinern an Lebendigfeit und Raturlichfeit hinter ben Laurembergifden "Bei Lauremberg ftebt man gang in der Beit und Gegenwart, wo die Stelle ber Satire ift, Rachel, ber zwar teine Thorheit, aber boch die Meniden au iconen als Grundfat ausspricht, wird allgemeiner und feine Satiren nehmen fich baber lehrhafter aus". Obwohl an Perfius und Juvenal fich anlehnend, 3. B. in der vierten Satire "die Kinderzucht", bewahrt Rachel doch Freiheit und Selbständigkeit in der Be-In der erften Satire "das poetische Frauengimmer ober Bofe Sieben" bandlung. ichildert er die fieben hauptfehler der Frauen, um dann jum Schluß die murdige hausfrau zu zeichnen; in der achten "ber Boet" halt er ein scharfes Strafgericht über bie Dichter mit manchen verftedten Unspielungen auf vertehrte oder lappische Runftjunger 3. B. die Puriften. Diefen Con folagt in noch fcarferen Accorden eine in Profa gefdriebene Satire an, "Reim dich oder ich freffe dich" von Hartmann Reinhold, unter welchem Ramen nach Gervinus, Goedete u. a. ber Rirchenliederdichter Gottfr. Bilh. Sacer als mabrer Berfaffer verborgen liegt. In form einer Belehrung, wie man es anfangen muffe, um in turger Beit ein berühmter Dichter ju werden, wird über die neumodische Poeterei und die feichten abgeschmadten und gemeinen Boeten und Reimfomiebe ein vernichtenbes Urtheil gefällt.

Bedeutender und wirksamer tritt die Satire in einem Berte auf, bas fich ber un- Bofcherofa gebundenen Rede bedient, in dem berühmten Buche : "Bunderliche und mahrhafte Befichte Bhilanders von Sittewald", welches Joh. Dich. Dofderofd aus einer aragonifden in Strafburg feshaften Familie (Mufenrofd) dem fpanifden Dichter Quebedo (XI., 269 ff.) nachgebildet, querft als lebertragung dann "aus eigenem Boblvermogen fortgefest". Much die deutsche Brofafprache mar durch die Bemubungen ber fruchtbringenden Gefellschaft und ihres thatigen Mitglieds Opit aus den Berschrantungen und Berfonortelungen des Curialftile ju einer tunftmäßigeren Ausbildung fortgefdritten. In diefer Gestalt erscheint fie querft bei Moscherofc, einem gelehrten Manne, ber fünf lebende fremde Spracen redete und mit der protestantischen Rlarheit eine echt vaterlandische Befinnung verband. Als Beamter in verfciedenen Orten des Elfaß, im Sanauifchen und heffischen wirkend hat er die Roth der Beit und des Baterlandes in reichlichem Rase erfahren, Plunderung, Rrantheit, Armuth und den Tod zweier Frauen ertragen und in diefer "Rreugicule" das religios gefammelte Gemuth in fic ausgebilbet, bas er in bem "driftlichen Bermachtnis" an feine Rinder fo fcon aussprach. neuen Runftdichtung nicht untundig und als "Traumender" in den Palmenorden aufgenommen, hat Mofderofd bod mehr die alteren Schriftsteller feines Beimathlandes, die Brant, Fifcart, Murner u. a. ju feinen Studien benutt. Befonders biente ibm Bartholomaus Ringwaldt, der außer feinen Rirchenliedern auch lehrhafte Schriften verfast hat, "Chriftliche Barnung des treuen Edart" und ein dramatifirtes Sittengemalde "Speculum Mundi" jum Borbild. Auch aus Montaigne hat Moscherosch geschöpft,

fo wenig auch der hettere frangofifche Lebensphilosoph mit bem ernften deutschen Mann, dem unter den Trübsalen des Daseins "die Fröhlichkeit febr eng gesponnen war", gemein batte, und Owens Epigramme hat er ins Deutsche übertragen. Alle Cindrude und Erfahrungen hat Mofderofch in dem fatirifchen Sittengemalde zusammengefast, in welchem er auf Grund einer frangofischen Uebersetung der "Suenos" von Quebedo in einer Reibe von Eraumen oder Bifionen, wie fie jenem an übernatürliche Rrafte und Geheimlehre glaubenden Gefchlechte gufagten, die Bauptgebrechen feiner Beit in allgemeinen Schilderungen und Bildern lebendig barftellte. Es ift ein "turbulenter Jahrmartt" von baslichen Lageserfdeinungen, in welchen Philander einführt. Richt die Lafter und Leidenfchaften einer roben, derben, urwüchfigen Ratur werben ausgestellt, fondern "die feineren Lafter einer falfchen Bilbung und die Berirrungen des Ropfes". Der Satiriter fteigt nicht in Die Tiefe des menichlichen Gemutbes binab, um die bolen Triebe au zeichnen, fondern er tampft in der Sprache des Biges und Berftandes gegen die Bertehrtheiten des Tages, die folechten Sitten und Modegewohnheiten, die Thorheiten und folimmen Gigenfcaften ber verschiedenen Stande. In der Bifion "Todtenbeer" macht er die Rechtsgelehrten mit ihrer juriftischen Bedanterie und Terminologie, die Quadfalber, die Aftrologen, das Soflingswefen lächerlich und last ben alten Gulenspiegel fragen, ob er folche Thorheiten, die einzeln als Gebrechen des Tages aufgezählt werden, jemals begangen habe; in der Bifion Alamode Rehraus werden von dem Ergtonig Ariovift und den altdeutschen Belden die neumodischen Trachten, die Berruden, Schminten und degl. und vor Allem die deutsche Baftarbfprache, das Rennzeichen einer vaterlandslofen Baftardnatur verfpottet. Befonbers ift dem Dichter die "Reputation", die Modetugend und Modechre des Abels mit der baran haftenden Unfitte der Duelle verhaft. In der Bifion vom "Solbatenleben" werben Buge aus ber Beit bes breißigiabrigen Rrieges, in lebensvollen Schilderungen und in ber gangen Schauerlichkeit jener Schredenszeit vorgeführt. Wie fehr bem maderen Mann dabei das Berg blutete, erfieht man auch an einigen Gedichten, in denen er das Unglud des Baterlandes beklagt : "D du armes Deutschland du, wie bift du gerichtet ju! Bor warft bu an allen Gutern reich, jest bift du mehr als einer Bittwe gleich !" Seine mit lateinischen Berfen und frangofischen, italienischen, spanischen Borten und Redens arten angefüllte Sprache und Darftellungsget gibt ein carafteriftisches Bild ber Beit; fie ift aber nicht als feine eigenthumliche Schreibweise aufzufaffen, sondern als Rach. bildung und Berspottung des gemischten Sprachstils der Beit: denn wo er wie in seinem Bermachtniß ernft blieb, fchrieb er eine mufterhafte Profa. Bie groß die Birtung von Philanders Sittengemalde auf die Beit gewesen ift, ertennt man aus der weiten Berbreitung und den gablreichen Rachahmungen und Fortsetzungen. Der Lucianische Schupp, beffen wir oben gedachten, hat für die iconften feiner Discurfe, den Regentenspiegel, den Siob, die Einkleidung in Bifionen gewählt.

Abraham Auch Ulrich Megerlin, befannt unter bem Ramen Bater Abraham a Sancta a S. Glara 1042—1709. Clara, Hofprediger in Bien hat seine Reden und Erbauungsschriften in der alten Bolls-Auch Ulrich Megerlin, bekannt unter bem Ramen Bater Abraham a Sancta manier mit Bigen und Schwanten untermischt ("Sup und Pfup ber Belt"; "Merde Bien"; "Judas der Erzschelm" u. a.) ju satirischen Ausfällen auf die Gegenwart und die herrschenden Lafter und Gebrechen benugt, aber wie weit fteht diefer "Caricaturschriftsteller" hinter dem mannlichen Ernst eines Philander zurud. "Die Schnurren seiner Predigten und Schriften in Berbindung mit finfteren tatholischen Schredniffen", fo foilbert Gervinus das Befen diefes geiftlichen Schriftfiellers, "feine anetbotifchen Poffen gemifcht mit dunklen Legenden, feine Aufklarung neben feinem Aberglauben, feine Derbheiten neben seinen höfischen Schmeicheleien, seine Boltsmanier in Erzählung. Bortspiel, Sprichwort und Schwant verbunden mit feinen lateinischen Broden, feine Belefenheit in roben deutschen Poeten vereint mit der in den Rirchenbatern, feine Runft

epigrammatische Wirkungen durch Spannung und Täuschung der Erwartung hervorzubringen, seine ganze durledte Manier angewandt auf lauter Aleinlichkeiten, und nirgends von einer Erkenntniß der Grundsehler seines Bolks und seiner Biener Gemeinde oder seiner Beit ausgehend — Alles macht einen so ungeschlachten Wust aus, daß man schon große Freude an aller Art Schnurrpfeisereten haben muß, um nur diesen zu Gesallen, für die diese Werke allerdings eine große Jundgrube sind, sie durchzublättern." Das Soldatenleben, von dem Philander von Sittewald einzelne Unrisse gegeben, Der Aben-

genannt Meldior Sternfels bon Suchsheim". Der Berfaffer Chriftoffel bon Grim. melshaufen, zuerft Golbat, bann Amtmann zu Renden im Schwarzwald berbarg fic unter verfcbiebenen Ramen, als Samuel Greifenfon von Sirfcbfeld, als German Schleifheim von Sulsfort u. a. Benn man bei Goebete bie Ausgaben, Fortsetungen, Bearbeitungen und Rachahmungen überblickt, eine Titelreibe von mehr als breißig Berten, fo erhalt man einen Begriff bon ber Berbreitung und Bedeutung bes Buches, in welchem an ben Schidfalen eines Abenteurers und Gluderittere die tiefbewegte Beit bes breißigfahrigen Rrieges in allen Erfcheinungen und Bechfelfallen anichaulich gemacht wird; ein mahrheitgetreues Bild der Gefcaftigfeit, Unruhe und Reufuchtigteit jenes Gefchlechtes. Alle Seiten und Ausgeburten jenes vielgestaltigen Lebens lernen wir in dem Roman kennen, bald mit mehr bald mit weniger Runft ber Einzeldarftellung: das wilde Landstnechtleben mit feinen Abenteuern, feiner Spielwuth, feiner Rauf- und Raubluft; den Aberglauben mit Teufelfput, Begen- und Bauberwefen; die unmenfchliche Entartung, die befonders in dem damonifchen Bofewicht Olivier ergreifend geschildert ift; den Mangel an aller Loyalität und Treue im Solbatenstand, und ben Bechsel des Dienstes nach äußeren Umftanden; daneben bas üppige und frivole Bolluftleben in Baris, bas ichon bas leichtfertige Treiben ber Fronde ertennen last. — Auch ber Simpliciffimus ift einem spanischen Mufter nachgebilbet: Bir haben früher zene eigenthümliche Gattung von Dichtung kennen gelernt, die unter dem Ramen picarifder Romane ihren Lauf durch die Belt machte, und in Frankreich durch Lefage gur Lieblingelecture murbe, einen Lagarillo, einen Bugman de Alfarache (X, 74, XI, 271). In Form einer felbsterzählten Lebensgeschichte wird darin ein buntfarbiges Gemalde von wunderbaren Lebensschicksalen und Abenteuern entrollt. belden find Gluds- ober Ungludsfinder, die aus ben unteren Stanben empor ober aus den oberen berabtommen, in der Belt umbergeworfen werden, alle Lebensverhaltniffe durchmachen, fich durch Schelmereien aus bedrangten Lagen belfen, durch die Roth flug und gewürfelt aber felten meife werden. Reine Beit bot mehr Stoff ju folchen Lebens-

gemälden als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wo die Birklickeit selbst so viele Beispiele von großem Slückswechsel, von Umkehrung alles Bestehenden, von jähem Sturz und plözlichem Emporsteigen darbot, wo Bornehm und Gering oft ihre Kollen tauschten, Herr und Diener in vertrautem Berkehr lebten. Die deutsche Literatur hatte bereits ein Borbild eines solchen Abenteurerlebens in den Denkwürdigkeiten des schlesischen Ritters hans von Schweinichen, der am Ende des sechzehnten Zahrhunderts in Begleitung des Herzogs Henrich von Liegniz als Bagabund, Lecher, Kausbold und Schuldenmacher im Reiche herumzog, ein freibeuterisches und dem Fauskrecht entsprechendes Leben führte, seine Ausschweisungen und lüderlichen Streiche offen erzählte und bald starke Aundschaft erhielt, da er sich "mit Sausen einen großen Ramen gemacht". Aber erst mit dem Simplicisssmus wurde der "vicarische Koman" eingebürgert und volksthümlich.

Das Goldatenleben, von dem Philander von Sittewald einzelne Umriffe gegeben, Der Abendiche bildet die Unterlage eines andern vielgelefenen Bolksbuches jener Zeit, des Romans "der Simpliciffs-Abenteuerliche Simpliciffinus d. i. Befchreibung des Lebens-eines feltsamen Baganten und.

Simpliciffimus ergählt, wie er als Bauernsohn im Speffart ohne alle Erziehung herangewachsen, durch die Grauel des Rriegs vom elterlichen hause getrennt und von einem Einfiedler im Balbe erzogen, unterrichtet und gur Gottesfurcht angehalten wird. Als biefer lebensmute fich ins Grab legt, irrt Simplicissimus von Reuem umber, tommt in das Saus des Comman: danten Ramfah in Banau (XI, 987), wo er durch fein tappifches Befen und feine Gulenspiegeleien feinem Berrn fo großen Spaß macht, daß diefer auf den Gedanken kommt, den unerfahrenen tolpelhaften Jungen durch allerlei Streiche feines Berftandes zu berauben und zum Rarrn abzurichten. Aber gewarnt von dem Bfarrer, deffen Bekanntichaft er durch den Ginfiedel gemacht, entgeht er bem ihm augebachten Schickfale, indem er die Diener und Belfer bes Commandanten, Die ihn aum Rarrn machen follten, felbst narrt. Bon ftreifenden Rroaten geraubt, entfliebt er in ben Balb, führt ein Freibeuterleben und wird nach allerlei Gaunereien und Schaltheiten, wobei er jedoch immer eine ehrliche haut bleibt, ein Rriegsmann. Als folder zeichnet er fich aus; er hieß nur der Jager und ftand im Ruf, zwei Teufel im Sold zu haben. Er erlangt Glud, Geld und Chre und lebt als Freiherr. Bald geht es aber wieder abwarts. Seine Che, ju der er von bem Bater seiner Geliebten gezwungen wird, schlägt übel aus; er verliert fein Gelb, bas er in einem Rolner Banthaus niebergelegt; auf ber Rudreise von Baris, wo er ein uppiges Leben führt und durch fein Lautenspiel wie durch feine Boblgeftalt in allerlei galante Berhaltniffe gerath, wird er durch die Blattern feiner Schonheit, feiner Paare und Stimme beraubt. Bon ben Solbaten Bernhards von Beimar gefangen macht er eine Reihe ber bunteften Abenteuer burd, treibt fich als Quadfalber und Dustetier berum und führt ein lofes leben. Auf einer Bilgerreife nach Maria Cinfiedeln wird er tatholifch, fest aber fein Bagantenleben fort. Er findet ben Bauer aus bem Speffart wieder und vernimmt bon bemfelben, bag ber Ginfiebler, bem er feine erfte Erziehung verbantte, fein Bater und ber Commandant in Sangu ber Bruber feiner Mutter gewesen sei. Run folgt eine Reihe wunderlicher Ergablungen bon ben Sploben im Mummelfee, von Sauerbrunnen, von abenteuerlichen Reifen. Bulest befehrt er fich und wird gleichfalls Ginfiedler, nachdem, wie er felbst betennt, fein Beib mude, fein Berftand berwirrt, seine Unschuld verloren und seine eble Beit verschwendet war. In einer Fortsehung wird er auf eine Infel verschlagen, wo er, wie fpater Robinson Crusoe allein und einfam baust und feinen Lebenslauf beschreibt.

Grimmelshaufen hat im Simplicissimus ein Stud feines eigenen Lebens beschrieben, daher die unmittelbare Frische und der Realismus der Schilderungen, der neben der volksthumlichen ternhaften Sprache und dem gefunden humor dem Buche Die große Berbreitung gegeben bat. Auch Grimmelshaufen ift ohne Unterricht berangemachien, hat ein wildes Soldatenleben geführt und ist endlich katholisch geworden. Auch er hat Die Lasterhaftigkeit der Beit, den Aberglauben und die sittliche Entartung aus Erfahrung Tennen gelernt, aber ftets gegen das Schlechte, Ungefunde und Gemeine angetampft. Die Bahl feiner Schriften ift febr groß, aber teine feiner fpateren Arbeiten tommt dem Simpliciffimus gleich; es find jum Theil Rachbildungen der Sattren des Mofderoid, zum Theil Bariationen, Fortführungen oder Wiederholungen der eigenen Manier. Bas dem Simpliciffinus ju allen Beiten die Boltsgunft verschafft bat, ift neben der lebendigen Darftellung des wirklichen Lebens mit allen feinen Auswüchsen bor Allem der vaterlandifche Sinn des Berfaffers, das innige Gefühl für die ungludlichen Buftande des Reichs. Es wurde icon fruber ermabnt, mit welchem Reid der Beld des Romans auf die blühende Schweiz blidt (XI, 1039); an einer andern Stelle entwidelt ein verrudter Boet, der fich für Zupiter halt, dem erftaunten Rriegsmann einen Reichsverbefferungsplan, der an die pfeudonymen Schriften eines Chemnig und Bufendorf erinnert (XI, 1029 f.). Ein Beld, mit allen Rraften und Bolltommenheiten ber Mythengotter ausgestattet, wird, von Bulcan mit einem Bunderschwert verfeben, die deutschen Lander durchziehen.

einer jeben Stadt ihr Recht und Gebiet und ihren Frieden geben; er wird aus jeder Stadt zwei der beften und flügften Manner auswählen, die ein deutsches Barlament bilden follen, und Bolle, Frohnden, Leibeigenschaft abstellen. Er wird diejenigen unter den Grafen, die verrucht und mit Gewalt widerstreben, ju Boden schlagen und die übrigen swingen den Gefegen zu gehorchen. Alsbann wird er ein deutsches Raiserthum aufrichten, bem die Beltherrichaft jufallen, ju dem die übrigen Reiche in Lehnsverband fteben follen. Für den Raifer und die Parlamentsberren wird er eine Beltftadt grunden größer als Babylon, herrlicher als Berufalem ju Salomo's Beiten mit einem Prachttempel und Runftmuseum. Dieser Beld beruft auch die frommften Theologen und Schriftgelehrten der gangen Belt zu einem Concilium in ftiller Begend, damit fie aus der beil. Schrift und ben uralten lleberlieferungen eine driftliche Glaubensform aufftellen, in der alle Confessionen fich bereinigen möchten. 3war werde der Sollenfürft das Bert zu ftoren fuchen, indem er jedem einzelnen Theologen feine Bortheile und Sonderintereffen vormalt; aber ber belb, ber in ber einen band ben Frieben, in ber andern Galgen und Rad halt, werde burch Ueberredung ober Gewalt die einheitliche Beltreligion aufrichten. Dann werbe ein ewiger Friede auf Erden walten und Jupiter selbst vom Olymp herabsteigen und mit ben Deutschen fich unter ihren Beinftoden und Feigenbaumen ergogen. Es ift bezeichnend, daß vor einiger Beit im Berliner Abgeordnetenbaus der Simplicissimus von ultramontaner Seite angegriffen, von ben Rationalliberalen vertheidigt ward.

Der große Erfolg des Simplicissimus forderte zu Rachahmungen auf, daher der stiteratur. Schelmenroman mit irgend einem Rrieg als Unterlage ju den verbreitetften Lefebuchern Aber in der boberen Gefellschaft fand man tein Gefallen an den der Beit geborte. roben Sittengemalben; ba ergoste man fich immer noch an dem Amadis mit feiner Liebes- und Bunderwelt (IX., 346 f.), bis auch diefe letten Refte einer vergangenen Beltanichauung berichwanden. Be mehr die Renaissance zur herrichaft tam, defto mehr erlangte auch im Roman bas Fremde die Oberhand. Bunachft trat wie in ben romanifchen Landern und in England der Schaferroman an die Stelle der alten Ritterund Liebesgeschichten. Bir wiffen, daß die Begnigdichter ihre hirtennamen aus dem übersetten Schäferroman Arcadia von Sidney schöpften (XI., 589); auch italienische, frangofifche, fpanifche hirtengeschichten und hirtengemalde murden übertragen, bearbeitet , nachgebildet. Befen forieb unter dem Ramen "Ritterhold von Blauen" bie "Ubriatifche Rofamund". Dit ber Beit gewann ein realiftifcherer Gefchmad Blag : man griff nach der Geschichte; man suchte in Reisebeschreibungen den Stoff für fremde Sittengemalbe, man verfaste lehrhafte ober moralifche "Gedichtgefchichten", um die lufterne oder unfittliche Lecture, "die Amadisschen Fabelbruten", durch ehrbare auf Crsahrung, Tugend und driftliche Sittenlehre aufgebaute Erzählungen zu berdrangen. Der Superintendent A. S. Buchholy in Braunfchweig bat nicht blos geiftliche Lieder Buchboly gebichtet, der breite Liebesroman "Beratles" und Balista's Bundergefchichte" follte durch driftliche Geffunung, burch Tugend und Ereue den bedenklichen Inhalt der Liebesgeichichten berbeden und fur die Erdichtung durch Belehrung und Beisheit entichadigen. Bergog Anton Ulrich von Braunfdweig, der noch in alten Sagen gur tatho. Anton Ulrich lischen Rirche übertrat, hat in seiner "Durchlauchtigen Sprerin Aramena" biblische foweig Stoffe zu einem "Hof- und Beltspiegel" benutt, und in seiner "Octavia" in die römische 1833—1714. hiftorie, Anetdoten, Ergablungen und Anspielungen aus der Bof- und Beitgeschichte eingestreut. Durch feine Romane wollte er "rechte Sof- und Abelsschulen" bilben, "bie bas Bemuth, den Berftand und die Sitten recht ablig ausformen und fcone hofreben in den Mund legen". Durch ihn angeregt verfaste der Schleffer Loben ftein, dem wir fpater als dramatifchen Dichter begegnen werden, die "finnreiche Staats., Liebes-

und Belden. Befdichte" Arminius und Thusnelba, "um feine weitlaufige Gelehrfamleit flüglich anzuwenden", ein mahres Archiv wiffenschaftlicher Renntniffe und Curiofitaten. aus Geschichte, Antiquitaten, Geographie und andern Gebieten in leiblichem Deutsch Der Roman wurde als Rahmen benutt, um eine Maffe von gelehrten Rotigen augbringen, wie wir bereits bei Befen erfahren haben. Befonders bediente man fich gen diefer Form ju Befdreibungen ferner Lander und Sitten, ju Schilderungen fremder Balter. Die "Affatifche Banife oder blutiges doch muthiges Begu" von Anfelm von Biege ler und Rlipphausen aus der Laufit, worin ein geschichtlicher Anhaltspunkt zu einer Schilberung der oftindischen Belt in bombaftischer Sprache verwerthet ift, war lange Beit ein Lieblingsbuch, und auch Sappel's Romane, die bald nach China und in die oftlichen Infelreiche führen, balb in der Grimmelshaufenfchen Manier deutsches Bolts-, gurften: und Studentenleben foildern, murden viel gelefen, bis beide Gattungen durch die Robin-Beife fonaden verdrangt murden. Mus diefem polyhistorifden Brrwege fucte Christian Beife. Rector in Bittau, ein in allen Gattungen der Literatur thätiger Schriftkeller, den Rowen ju befreien, indem er ihn wieder auf den Boden ber Gegenwart jurudführte, gum Rahmen für nügliche Belehrung und Befferung, ju einer Schule der Beisheit und Sittenlehre ju machen fuchte, in einer Form, die das Studium und die Rachahmung der Bbilandrifcen und Simplicianischen Schriften erkennen last. In einer Reihe von lehrhaften humeriftifd: allegorifden Romanen : ("Die drei Sauptverderber in Deutschland von Sigm. Gleichviel"; "bie drei argiten Erznarren, und die brei flügften Leute in ber gangen Beit"; "der politische Rascher" u. a.) bekampft Beise die Uebel und Rifftande del Tages, Unglaube, Sochmuth, Modesucht, die Machiavellische Bolitit u. A. und fucht an der Sand der alten Philosophie, besonders des Spiltet gefundere Lebensanfcauungen und Grundfase ju erweden, ben Roman ju einer Sittenfchule fur bas Staats- und Brivatleben zu erheben, Schriften bie mehr wegen ihrer löblichen Tendenz als wegen ibres Stils und ihrer Sprache fich empfehlen. Aber tros der fleifen, unbeholfenen oft fcwulftigen Darftellung wurden die Beife'fchen Lehrromane, in benen bier und da enupfindfame Lieber in volfsthumlichem Sprachflus eingestreut find, viel gelefen und gaben den Anftof zu einer Huth von "politischen" Romanen, die durch ihre Plattheit und Erivialität die gange Sattung in Migcredit brachten.

#### 6. Dramatifche Dichtung. Arophius. Die zweile schlesische Schule.

Berfall ber Beife war nicht blos Romanschriftsteller; er war auch lyrifcher und dramatifcha Boeffe, Dichter. In feiner Liedersammlung : "leberfluffige Gedanken der grunenben Jugend" folägt er im Gegenfap zu der "Cavalier-Boefie" ber Breslauer Berren einen feden frischen Ton an, bald derb naturalistisch, bald verständig praktisch, bald, wie besonbers in einer andern Sammlung : "Rothwendige Gedanken ber grunenben Jugenb" lebrhaft und trivial. Debr Originalitat entfaltet Beife in feinen Luftspielen, von benen manche, wie "die triumphirende Reufcheit, Luftspiel mit Bidelharing", die ins Romans tifche übertragene Geschichte von Joseph (Floretto) und der Frau des Potiphar, naturlichen Bis, wenn auch mitunter gemein und niedrig in fich tragen. Dabei hatte er die löbliche Abficht, ben Schulern "bie beutsche Bunge ju lofen". - Uebrigens zeigt bie dramatifche Dichtung am deutlichsten, wie gering die poetischen Rrafte der Beit und wie eng und niedrig insbesondere bie Begriffe vom Befen des Drama maren : "Bie ber Roman, fo ward auch bas Schauspiel als ein Lebensspiegel angefehen und nur als eine Soule weltlicher Beisheit gebulbet". Belehrung aller Art wurde auch hier angeftrebi; Die Schäferschauspiele ber Begnithbichter maren in Gefprache umgefette Schaferromant, oder Singspiele mit religios allegorischem Inhalt; die biblifchen Dramen Befent

Moralitaten und Sittenlehren; Die berifchen Stude lehrreiche Darftellungen meiftens ans ber romifchen Gefchichte ober, falls Beitereigniffe und politifche Buftanbe ber Gegenwart als Unterlage bienten, wurden die Beziehungen burch allegorische Ramen verhüllt. Die alten Bolts- und Schulfpiele maren verfcmunden; wer hatte bei den Rothftanden der Beit Sinn und Luft für theatralische Aufführungen? Bo in einer Refiden, noch eine Buhne fortbeftand, murbe fie in erfter Linie zu mufitalifden Broductionen und ju Darftellungen mit Schaugeprange benutt; für bramatifche Aufführungen in Schulanftalten oder gu Boltsbeluftigungen blieb man bei bem Bertommen, bei ben Schaufvielen vom alten Schlag. Auch Opis, fonft überall tonangebend, vermochte teine dramatifche Boefie, die dem neuen Geschmad entsprochen batte, ins Leben zu rufen, und Johann Rift mußte bei feinen hiftorifchen und allegorifden Studen ("das Friedemunichende Deutschland") noch Scenen in alter vollsthumlicher Manier ober pantomimifch-mufitalifche Schauftude und Bwifchenfpiele zu Gulfe nehmen ; mitunter murben auch allegorifchfatirifche Unfpielungen auf Beitverhaltniffe oder befannte Berfonlichfeiten angebracht.

Erft ein anderer Schlefter ber Opitsichen Schule, Andreas Grophius aus Anbreas Grophius Grophius Grophius naltheater batte führen tonnen, wie wir es in Spanien, England, Franfreich tennen gelernt. Grophius, an bichterifder Begabung und Phantafie feinem altern Landsmann weit überlegen, hat sowohl in der Lyrit als im Drama bedeutende Leiftungen hervorgebracht. Seine Rirchenlieder find uns bereits befannt. Der fcmermuthige Trauerton findet feine Ertlarung und Entschuldigung in ben harten Lebensichiafalen, bon benen ber Dichter betroffen warb. Er war ein Ungludstind der schrecklichen Beit. Im fünften Sahr verlor er feinen Bater, vielleicht burch Gift, im zwölften feine Mutter; die Grauel bes Rriegs und der Beft, die fich bor feinen Augen entfalteten, binterließen die foredlichften Sindrude in feiner Geele; er verlor einen Bruder und eine Schwefter und murbe felbft "So lange Litan fein bleiches von einer lebensgefährlichen Rrantheit beimgefucht. Angeficht beschaue" Magt er, "fei ihm nie ein Sag gang ohne Angft bescheert". Erop feiner burftigen Berhaltniffe, die ihn nothigten, durch Unterricht feinen Lebensunterhalt ju gewinnen, erwarb er ausgebreitete Renntniffe in allen Biffenschaften; er verftand eif Sprachen und lernte als Reisebegleiter die europäischen Culturlander Italien, Frantreich, die Riederlande tennen. Die legten Jahre verbrachte er als Syndicus in feiner Baterfladt. Außer den geiftlichen Liedern verfaßte Gropbius auch Sonette, Dden, Gelegenheitsgedichte und andere Erzeugniffe weltlicher Shrit, Die alle Beweis geben von feiner geiftigen Selbständigteit, bon der Bahrheit feiner Empfindungen, bon feinem tiefen que Mbflit geneigten Gefühlsleben, von feiner Cinbilbungstraft und Seelentennt= nis. Um bochken fteht jedoch Gruphius als dramatifder Dichter. Er mar von ber Ratur mit allen Gaben ausgeruftet, bas beutsche Drama umgubilben; aber theils ber Mangel einer beutschen Buhne, theils die Gleichgültigkeit und geringe Bilbung bes Bolls, theils die eigene trube Lebensauffaffung ftanden ihm im Bege. Statt die Belt und die Menfchen in der Birtlichteit zu beobachten und fich an nationale Stoffe gu balten. icopfte er aus Buchern und arbeitete nach gelehrten Borbildern, wobei er ungludicher Beife auf Seneca verfiel, beffen bochtrabenbe, fententiofe Sprache und Uebertreibungen feinem ernften jum falfch heroifden geneigten Sinne gufagten, und anftatt in Sandlung, Lebendigkeit und Charatterzeichnung feine Größe zu fuchen, führte er Declamation, Bort- und Redereichthum ein, geftel fich im übertrieben Tragifchen, in unnatürlich gesteigerten Leidenschaften und Eugenden und suchte burch bas Gewaltige und Schredliche Effect zu machen. Much den dem neuern Drama fremdartigen Chor (Reigen) entlehnte er den antiten Borbildern, gebrauchte ibn aber ju Allegorien, ju Beifterscenen und mythologischen Siguren. Schon auf der Schule bearbeitete Graphius

die Ergaobie Berobes ber Rindermorber". Babrend eines langeren Aufenthaltes in Lepben und Amfterdam ftubirte er bie Gollander, einen Grotius und Beinfins, einen hooft und Ban der Bondel (XI., 681 ff.). Der lette war von besonderem Ginflus auf den deutschen Dichter. Selbst das gehlerhafte, deffen wir früher Erwähnung gethan, das halb Antile, halb Bibelmäßige, die feierlichen Chorgefänge u. A. entlehnte Graphius dem fremden Boeten. Dabei ging er fleißig bei den Alten in die Schule. Unter den Tragodien, an denen Grophius neben seinen Amtsgeschäften mit Gifer und Ausdauer bis an feinen Tod arbeitete, ift "Ermordete Majeftat, oder Carolus Stuartus Ronig bon Großbritannien", am befannteften wegen des der Beitgeschichte angehörenden Inhalts, fteht aber an Anlage und Charafterzeichnung hinter andern jurud. Bedeutender ift "Leo ber Armenier" (V. 248) und "Ratharina bon Georgien oder bewährete Beftandigfeit" eine Martyrergeschichte. "Der fterbende Papinian" bat im Cingelnen viele Schonheiten, entbehrt aber eines einheitlichen Blanes; "Carbenio und Celinda" ift ein burgerliches Intriquenftud, reich an handlungen und spannenden Berwidelungen aber bon mangelhaftem Aufbau. - Diefet Stud bildet den Uebergang jum Luftspiel, indem fich zwischendurch ein Scherzspiel "die geliebte Dornrose" schlingt, in ungebundener Rebe und im folefischen Bollsdialett, "ein Bauernprozes voll Ratur und treffenden Ausdruck, bald der Derbheit, bald der Gutmuthigkeit und Raivetat". Dit Freuden fieht man den auf Stelgen einherschreitenden und mit bombaftifchen Reben donnernden Dichter in die Sphare der Ratur und des Bolistones berabfteigen. Gin anderes Luftspiel Beter Squeng, eine dem Shatespearischen Sommernachtstraum entnommene Zigur, ift eine gelungene Berfiflage "der eingebildeten Bettelpoeten und bochnafigen Schulmeifter", die fich für Autoren ausgaben; im "Horribilicribrifag", einer Rachbildung des Miles gloriofus von Plautus, werden die prablerifchen Rriegsleute, die fich damals überall umbertrieben, die Gifenfreffer und Bramarbas der Berfpottung preisgegeben. Die beiden Stude bezeichnen einen mertlichen Fortidritt aus ber alten Kaftnachtspoffe jur boberen Romit. "Gludlich in ber Bahl der Stoffe, reich und ficher in der Anlage der Fabel, fest und treffend in der Beichnung der Berfonen und unbefangen, gewandt und angemeffen in der Sprache machen fie noch gegenwärtig einen frifchen Gindrud". Auch in den "Scherzgedichten" oder Satiren des vielseitigen Mannes begegnet man abnlichm Tendengen, die Bertehrtheiten im Geifte eines Philander ju ftrafen. In ternhafter gedrungener Sprache halt er darin den "titelsuchtigen, lugenhaften modeverberbten Sitten ber Gegenwart" die Ginfalt ber alten Beit treffend entgegen.

Breite fole niche Schule.

Grophius wird zu der zweiten folefischen Schule gezählt, die von Opigens gelehrter und didattischer Dichtungsweise und seinem pedantischen Formalismus abwadend mehr der Sinnlichkeit und dem Beltleben Rechnung trug, mehr die leichtere Boche der Frangofen und Italiener als die antite jum Borbild mabite, mehr der epicureifcha Lebensphilosophie als der ftoifden Beltverachtung das Bort redete. Als der Chorfühm Soffmanns diefer Richtung tann Chriftian Soffmann von Goffmannswaldau gelten, ein an 1618- 79. gefebener durch große Reifen gebildeter Rathsberr in Breslau. Im Gegenfat zu ben ernsten, schwermuthigen, ber Beltluft abgewandten Gruphius bulbigte Soffmannswaldau den heiteren Gottern der Freude, der Liebe, des Genuffes. Benn man der Poefie die Liebessachen entziehe, außerte er fich, so verfteche man ihr die Berzwurzel und wenn man der Liebe die Boefie entziehe, verfchließe man ihr den lieblichften Blumengarten. Die Bahl feiner Dichtungen ift nicht groß; fie bewegen fich, außer einigen Ueberfetjungen. ausschließlich auf bem gelbe ber Lyrit, und murben jum Theil nur auf Bureben feine Freunde der Deffentlichkeit übergeben. Freilich bilden feine Liebesgedichte in fließenden eleganten Berfen, aber voll Lufternheit, Unguchtigleit und finnlichem Ruthwillen einen grellen Begenfas gegenüber der ftrengreligiofen astetifchen Beitrichtung; aber fein mu-

ferhafter Lebensmandel gab Beugniß daß er damit nur der Phantafie und Dichtfunft ein weiteres freieres Gebiet erfoließen wollte; ber frangofifde Gefdmad bielt bereits seinen Cingua, überschritt aber in dem Oderlande die Schranken, welche die eleganteren Modegefete an der Seine aufgerichtet. Um gepriefenften waren die dem Doid nachgebildeten "Belbenbriefe" ober Beroiden Soffmannswaldaus, Liebesgefchichten berühmter Bersonen, wie Ginharts und Emma's, Abalards und Heloisens, jum Theil in fo leichtfertiger und indecenter Sprache, daß das ftrenge Beitalter daran Anftog nahm. Und doch wurde die Manier nachgeahmt und überboten. Auch in formaler Sinfict fonnte man an der Hoffmannswaldauschen Boefie manches aussehen. "Man lehnte fich auf gegen die Unnatur, mit ber er Sachen ber Empfindung zu eitlen Spielereien des Scharffinns macht, mit ber er, wie Bodmer fpottet, Gleichniffe auf Gleichniffe bauft, in Spruchen feufat, metaphorifc liebt und in Reimen fterben läßt".

Mit Hoffmann wird gewöhnlich als anderes Haupt der zweiten schlessischen Schule ge- Less-83. nannt Rafpar Dan. v. Boben ftein, gleichfalls Rathsberr in Breslau, bem "Schleftens himmel" den Trieb zur Dichttunft eingeflößt, nicht fein Genius. Gin gelehrter Jurift, bei dem die Phantafie weit hinter dem Berftande gurudblieb, war Lobenstein ein geschidterer Diener der Themis als der Mufen. Rach feiner Anficht gereicht das Magvolle der Boefie 3um Rachtheil, daher besteht seine Tugend und Cigenthumlickeit darin, daß er die Schriftfeller, die er fich ju Borbildern mablte, in ihren fehlerhaften Richtungen übertreibt. Bir haben früher ermabnt, wie er als Romanfcreiber alle Bertehrtheiten überboten hat (S. 765 f.); in der Lyrit ahmt er Hoffmanns Liebespoefie nach, nur daß er in der Form mehr Schwulft, im Inhalt mehr fittliche Robeit anbringt; in der Tragodie, dem wichtigften Theil feiner poetischen Thatigkeit überfteigt er alle Grauel und Schreden von Grophius, indem er in feinen auf dem Boden der römischen Raisergeschichte oder des turtifden Reiches fich bewegenden Dramen "mit völliger Stumpfheit die wildefte Beftialitat bor die Augen der Buschauer bringt" und alles Kunftlerische durch eine Maffe ungerigneter Gelehrfamiteit und bombaftifder Abctorit entftellt, "fein Excerptenbuch in einen Reim aufammenpadt". Der "Mordfpectatel", ber in ben alten Boltoftuden eines Aprer mit Biderwillen erfüllt, tehrt in Lohensteins Tragodien, "Sophonisbe", "Agrippina", "Cpicharis", "Cleopatra", "Ibrahim Baffa" u. a. in aller Robbeit und Gemeinheit wieder und verlett um so mehr, als er in einer pomphaften, sentenziösen, mit Bildern und Gleichniffen überfüllten Sprache auftritt. Einzelne Stude, wie Epicharis, welches die Berfcworung Senecas gegen Rero jum Gegenstand hat, find "wie eine Mordergrube und Richtplat" mit Huchen und Schimpfreden, mit Martern und hinrichtungen, "jedweder Ausspruch tlingt nach Läftern, Fluch und Drauen".

Segenüber folder Berirrungen des Gefdmads, die bon ber Beerde der Rachahmer Beife. поф weiter getrieben wurden, konnte es als eine gefunde Reaction betrachtet werden, wenn der genannte Beife wieder mehr in die alte Schul- und Boltstomodie einlentte, dem berftiegenen Bathos bas "Raturelle" entgegenfeste. Er verwarf die Rachahmung der antifen Chore und führte die Profa in ben Dialog ein. Bie fehr manchmal in Beife's Luftspielen und Poffen die Derbheit und die gemeinen Bige verlegen mogen, doch verdiente es Anertennung, daß er wieder jur Ratur jurudlehrte, die fleife Runstform und Regelmäßigkeit verschmähte, seine Studien im Leben nicht im Buche machte. Er nahm einen gludlichen Anlauf gur Biederbelebung ber alten Schulschauspiele. Aber die Richtung der Beit war ihm entgegen. Beife, dem die Berfe leicht von Mund und Sand gingen, hat eine große gabl von Bubnenstuden verfaßt, in denen bald alttestamentliche Erzählungen, bald geschichtliche Beitbegebenheiten (Markgraf d'Ancre; Masaniello u. a.) jum Brunde lagen, bald Sandlungen eigener Erfindung ober Rachahmungen fremder Intriguentomodien vorgetragen wurden. Allegorien waren nicht ausgeschloffen und die

ernften Stude wurden haufig burch Boffen und Boltsfcenen unterbrochen. In biefer burlesten Dichtung hatte Beife überhaupt feine Starte, wie die Scherzspiele "die berfehrte Belt", "der baurifche Machiavellus", "bas Luftfpiel bon einer zweifachen Boe tenzunft" gegen die Dichtervereine und Sprachreiniger und bas icon erwähnte Luftipiel "die triumphirende Reufcheit" bewiefen. Der Beife'fche Raturalismus war um fo beilfamer als die zweite folefice Soule immer mehr an Sowulft, Uebertreibung und Runftelet Gefallen fand, immer weiter auf die Abwege und Bergange mit gefuchten und geschmadlofen Bildern und Beimortern nach ihren italienischen Borbilbern ben Marinisten und Concettisten (X., 353 f.) gerieth.

Mbfchat

Selbst die beiden Dichter, die fich noch borwiegend an Gryphius hielten, Hans Ahmann von Abichas aus Breslau, durch harte Lebensichiafale wie burch Bilbung Chriftian und Reifen dem alteren Dichter ahnlich, und Chriftian Grophius Sohn des Un-Benphius und Beifen dem alteren Dichter ahnlich, und Chriftian Grophius Sohn des Un-1649—1706. dreas, blieben in ihren Gedichten nicht frei von der durch Hoffmannswaldau und Lobenftein begrundeten Ueberschwenglichkeit und fowülftigen Redeweife, bem "galanten" Stil. In den llebersetzungen und Gebichten von Abschat, in den "poetischen Baldern" von Shriftian Grophius wie in ben geiftlichen und vermifchten Gebichten ihres Landsmannes Affis Hans v. Affig begegnet man dem bunten Spiel mit gezwungenen und verschrobenen Rentire Bilbern und Gleichniffen. Erft ihr füngerer Beitgenoffe Benjamin Reutird wenbete 1665—1729. fic allmählich von der Kunftelei und der manierirten Bortmalerei der Italiener ab und fuchte bem frangofischen Beschmad Eingang zu verschaffen, die Concetti burch ben franzöfischen Esprit, die Gleichniffe durch Gebanken zu berbrangen. Seine Satiren und Spifteln gaben Beugniß, daß er neben Juvenal befonders Boileau ftudirte, und in feinen fpateren Jahren machte er fogar ben Berfuch Menelone Telemach in ein deutsches Cpos mit gereimten Alexandrinern zu verwandeln.

### 7. Neue Richtungen.

Der frang. Damit war ber Anftoß zu einer neuen Richtung gegeben, die eben fo febr ber famad, Ueberschwenglickeit und dem Bombast der jüngeren schlesischen Schule als dem Raturalismus und ber nuchternen Alachbeit eines Beife entgegentrat. Denn weber die affeitiete und gefünftelte Beziertheit berbunden mit einer Anhaufung ungeeigneter pedantifder Belehrfamteit, wie fie in Breslau borberrichte, noch ber niedrige Standpuntt eines Beife, welcher die Dichttunft nur als Dienerin der Redetunft anfab, alles Beroifche und Erhabene verbannte und die gange Poefie ihrer Burde und Bedeutung beraubte. oder feines Anhangers Morhof, der in feinen eigenen Gedichten und in feinem "Unterricht von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Poefie" abnlichen Anflichten folgte, konnten ben neueren Runftgefcmad, der am Ende des Jahrhunderts feinen Beg von Baris nach Deutschland nahm, befriedigen, ber feineren Beltbilbung ber boberen Stande Genüge thun. Bir wissen, wie mächtig die franzöfische Sof- und Rodebildung unter Ludwig XIV. bas gefammte Leben ber europäifchen Menfcheit durchdrang und beftimmte; wie abhangig die vornehme Gefellschaft aller Lander und Sauptstadte bon ben in Paris und Berfailles aufgestellten Borbildern und Lebensformen mar.

Softidter.

Bas war nun natürlicher, als daß auch in Dresben, Berlin und anderwärts hofpoeten auftamen, welche die frangofischen Dichter gum Mufter nahmen, die Boeit bes forag und Boileau ber Opigichen entgegenstellten und in Oben, Feft- und Gelegenheitsgedichten, in Epigrammen und Satiren die glatte Form, die elegante Diction. den geiftreichen wigigen Con der Parifer Dichter und Schriftfteller nachzubilden fich bestrebten? Am erfolgreichsten betrat diefen Beg ein Freund und Gonner von Reufirch, Canit der Freiherr Fr. Rud. L. von Canis, ein angefehener feingebildeter Staatsmann in

Berlin, ber auf Reisen und in diplomatischen Stellungen die Belt und die bornehmen Befellicaftetreife tennen gelernt hatte und in feinen vermifchten Bedichten wie in feinen Satiren Boileau's Spuren folgte. Die Liebe ju den foonen Runften, die eble Sumanitat, die macenatische Freigebigkeit gegen die Diener ber Mufen, die wurdige und teufche Saltung feiner Boefien gogen bem abeligen Dichter in Berlin und Samburg große Anerkennung und Berehrung gu. Auch ber Gofdichter Johann bon Beffer aus Beffer 1654-1720. Kurland, Ceremonienrath an dem neuen Königshof in Berlin, bewegte fich in den bochften Lebenefreisen mit cavaltermäßiger weltmannifcher Sicherheit, die fich auch in feinen Schriften ertennen lagt. Er mußte feinen fürftlichen Bobgebichten einen herolichen Unftrico au geben. In feinen fpateren Sahren belleibete Beffer bas Umt eines hofpoeten in Dresben, wo er Ulrich v. Ronig aus Burtemberg jum Rachfolger und die Ronig berühmte Beliebte Friedrich Augufts bes Starten, Aurora bon Ronigsmart als Aurora v. Mitbewerberin hatte. Aber balb hatte fich auch biefe Richtung ausgelebt. Bei Konig Ronigmart 1668—1728. wie bei ben andern höfischen Dichtern der Beit, einem Beraus, Drollinger, Pietsch ging über ber glatten gorm und Reimerei jeder bichterifche Schwung, jeder murdige poetifche Inhalt verloren, fo daß das Intereffe für eine Dichtungsweise, die nur im Dienst und Gefolge ber bofe und der eleganten Belt auftrat, wo der poetifche Berth nur nach ber Außenfeite, nach Abothmus und Sprachfertigkeit beurtheilt marb, allmablich verfdmanb und das Berlangen nach einer gediegeneren Rabrung immer farter bervortrat.

Aber die Cehnfucht blieb noch lange ungeftillt. Denn die talentvollsten Dichter, Buntber 1696-1723. bie am Anfang bes neuen Sahrhunderts die vielbetretenen Pfade des Barnaffes wandelten, huldigten entweder wie Ganther und Barnite bem frangofischen Geschmad oder waren wie ber Raturmaler Brodes nicht bedeutend genug, eine neue Mera ju fcaffen. So trieb man denn in den abgelaufenen Formen und Beisen fort, bis in Gottsched die den Franzofen abgelernte Runftpoeffe mit ihren metrifchen Regeln und Reimereien den Sipfel ber Gefcmadlofigkeit und Langeweile erreichte. Joh. Chr. Gunther aus Striegau in Schlefien übertraf an dichterischen Anlagen, an Einbildungefraft und Empfindung die meiften seiner Beitgenoffen; in dem fittlichen Ringen feiner befferen Ratur gegen wilde Leidenschaften, gegen bose Reigungen und Triebe, das aus seinen lprifchen Gebichten heraustlingt, entfaltete er eine erschütternde Rraft, in ben Doen und Satiren ein ungewöhnliches poetisches Talent. Aber er war ein verkommenes Genie, ein verlorner Sohn, bem die Rudtehr ins Baterhaus nicht mehr offen ftand. Schon als Student in Bittenberg, wo er fich nach bem Bunfche feines Baters, eines Arztes, aber gegen feine Reigung der Mebiein widmen follte, gerieth er auf Irrwege, die ibm feines Baters dauernden bag juzogen und ihn bem Elend und bem Lafter entgegenführten; feine Reue bermochte beffen bartes Berg nicht zu verfohnen; feine hoffnung, das Amt eines fachfichen Sofdichters zu erlangen, wurde burch feine Eruntfucht bereitelt, batte fic auch nimmermehr mit feinem Streben nach Freiheit und Unabhangigfeit vereinigen laffen; felbft feine Friedensode auf Bring Gugen trug ibm teinen Dant ein, mabrend doch der große Belbherr Pletich und Bobendorf, die Berfaffer von Lobgebichten auf feine Thaten, mit freigebiger Band belohnte. Unglud und Armuth, robe Sitten und Ausschweifungen und die Qualen der Reue über ein verfehltes Leben Inidien die natürlichen Anlagen und Rrafte bor der Beit und fturzien ihn in ein fruhes Grab. Gin Lied über die Borte: "Ich hatte viel Bekummerniß" gibt der hoffnungslofigiteit feiner Seele einen gefühlvollen Ausbrud.

Und icon regien fich auch in Samburg, mo bas literarische und fünftlerische Samburger Intereffe an der Scheide des Jahrhunderts noch eben fo lebhaft war als wir es oben um die Mitte deffelben tennen gelernt, mancherlei Rrafte, welche bie manierirte Richtung der füngeren Schlefter, die faliche Scharffinnigkeit in gefuchten Bergleichungen, bas über-

triebene Bathos und Schellengeton ber Lobenfteiner in fcarfen Rrittlen befampften oder durch Arbeiten von anderm Schlag ju verdrängen fuchten. Mochte auch Chr. Sunold fr. Sunold (Menantes) aus Thuringen, Abvocat in Samburg in gabireichen Schriften und Gedichten eifrig für die Manier eintreten, "höflich und galant ju fon-Boftel ben" und an seinem Collegen Chr. S. Postel, dem Sauptvertreter der Samburger Operndichtung, Anfangs einen treuen Mittampfer befigen, fo lentte boch ber letter bald in andere Bahnen ein, indem er fich in einer höheren Gattung, dem Cpos verfucte. Und fo laderlich auch Boftels poetifche Ueberfegung bes 14. Buches ber Biat in feiner "liftigen Juno" und fein "Bittefind" uns erfcheinen mogen, fie gaben doch Beugniß von dem Erwachen des Gefühles, daß man nicht langer bei ben herrichenden + nach 1719. Borbilbern fleben bleiben durfe. Roch entfchiebener entfagte Chriftian Barnete oba Bernide dem Lohensteinschen Geschmad, dem auch er Anfangs gehuldigt und wurde ber fcarffte Biberfacher beffelben. Ein geiftvoller Unbanger ber Dichtungetheorien bei Boras und Boileau verfolgte er die Schlefter und ihre italienischen Muster mit beisender Satire und gerieth darüber mit Boftel in heftige literarische gehben. Gin Dann bon Belt und Erfahrung, der im Dienste des Ronigs von Danemart diplomatische Stallungen in London und Paris betleibete, buldigte Bernide der Lebensphilofophie ber Frangofen und Englander und fuchte in feinen "Ueberfdriften" die epigrammatifche Rurge und Gedrungenheit der Alten gurudguführen, die trodene Moral Logau's, die Berftiegenheit Lobenfteins und die Runfteleien der Begnigfchafer durch Big, Berftand und Menschenkenntniß zu verdrängen. Sein Standpunkt ift tein hober; fur poetischen Schwung, für Gemuth und Phantafie hat er fo wenig das richtige Berftandnis wie feine frangofischen Borbilder; aber als ein welterfahrener Mann ertennt er die Mangel und die Befchrantibeit der deutschen Beitliteratur und befigt hinreichend Calent und Gewandtheit, in fluger und feiner Beife und reiner Sprace feine Anfichten, feinen Gefomad, feine nicht immer edlen und confequenten Grundfate an Mann zu bringen

Berwandt mit Barnete an Ansichten und Bestrebungen ist ein anderer Hamburger 1678—1721 Udvocat Barthold Feind, dem seine scharfen Epigramme und Satiren manche Ungelegenheiten zuzogen, so daß er in einem dänischen Gesängniß zu Rendsburg starb. Am bekanntesten sind außer seinen Opern seine "deutsche Gedichte" und seine Satire "die Geldsucht".

So gering auch immer noch bei diesen Hamburger Dichtern, denen auch Michael 1678—1781. Richen Jugezählt werden muß, der seine Gelegenheitsgedichte mit Humor, mit guts müthigen Scherzen und mit launigen Erzählungen belebte und unter dem Bolle schreden war, das poetische Talent hervortrat, so lagen doch bei Allen Ahnungen verborgen "von dem was die Poesse eigentlich ist und will", so unvollkommen immer sie dieselben zum Ausdruck bringen konnten. Roch deutlicher trat dies hervor bei Barth.

Brodes Hein: Brodes, dem bedeutendsten Hamburger Dichter der Leit. Ihm ist es in erster Linke aususchreiben, das die kronnafische Kerkandesnocke noch nicht allein das Keld

dieselben zum Ausdruck bringen konnten. Roch deutlicher trat dies hervor bei Barth. Geinr. Brodes, dem bedeutendsten hamburger Dichter der Beit. Ihm ist es in erster Linie zuzuschreiben, daß die französische Berkandespoesse noch nicht allein daß Seld behauptete. Er verwarf nicht die italienische Geschmackrichtung, wie schon daraus hervorgeht, daß er Marini's "Bethlehemitischen Kindermord" übersetzte und in seinen "Hirtengedichten" sie zum Borbild nahm, aber er begegnete ihrer Einseitigkeit durch daß Studium der Franzosen, denen er im Lehrgedicht folgte, und wendete sich später mit besonderem Eiser den englischen Katurdichtern zu, die wie er glaubte die ästhetischen Gegensäte beider versöhnten, Gefühl und Sinnenreiz in die Poesie zurücksührten. Er übersetzt Khomsons Zahreszeiten und begründete durch seine große Dichtung in neun Theilen: "Irdisches Bergnügen in Gott" die schildernde Raturpoesie, die sich lange in Gunst erhielt und nie wieder ganz verdrängt ward. Auch Pope's Bersuch vom Renschen

wurde durch ihn in die deutsche Literatur eingeführt. Brodes suchte Malerei und

Rufit mit ber Dichtfunft ju berbinden, alfo eine Bereinigung der Runfte jur Befriebigung aller Sinne zu bewirten. Daber burchbrach er die Schranten bes Alexandriners, um durch ein leichteres und freieres Bersmaß die landschaftliche Malerei in feiner Poefie nachbilden ju tonnen. Indem er die außere Sinnenwelt jum Objett feines inneren Schaffens machte, fuchte er ben Raturfinn zu weden, die Dichtung von der Convenienz und fteifen Sitte ju befreien und ihr mehr Leben und Mannichfaltigfeit ju verleiben. Diefe Boefie, welche die Ratur in allen ihren Birtungen und Erfcheinungen mit Liebe und einer Art Begeifterung und Andacht ins Rleinfte ausmalt, führte indeffen ju Ginfeitigleiten und Berirrungen anderer Art. Sie wies von dem Menfchen auf die leblofe Ratur bin und erzeugte badurch eine allgu große Beichheit ber Gemutheftimmung und Empfindfamteit und eine poetifche Detailmalerci, welche "jedes Graschen anatomirt" und den Geruch der Biole ju beschreiben unternimmt, eine Dichtung, welche erschlaffend und beengend wirten mußte, "weil fie des Menfchen schaffende Rrafte niemals berührt". Der Beifall, den die Brodesiche naturschildernde Boefie fand, machte die beschreibende Lehrbichtung gur Modegattung der Beit. Sie murde nicht nur gum Ausdruck religiöfer und philosophischer Gebanten und Gefühle bermendet; auch alle Biffenschaften, Die mit der Ratur in irgend einen Busammenhang gebracht werden tonnten, murben in den Areis der Dichtung gezogen. Sat doch Brodes felbst fein ganzes Leben über ein großes phyfitalifches Lehrgebicht nachgebacht, "in bem er nachft ber Betrachtung Gottes aus der Ratur auch die Elemente und Sinne, die drei Reiche der Ratur u. f. w. behandeln wollte und zum Theil behandelt hat".

#### 8. Bildungsftand zu Anfang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68 war tein reizendes Blumenfeld, durch das wir fo eben gewandert find; und Salimme dennoch war die Boefte das einzige Gebiet, wo frifche Reime und Pflanzen eine tunftige fungen. Bluthe und Ernte erwarten ließen. Schlimmer fab ce in ber gefellichaftlichen Bildung und in der Biffenschaft aus, wo aller vaterlandische Sinn erloschen oder verhüllt mar. Un den Bofen und in der bornehmen Belt wurde frangofifch gesprochen, gelesen und gefdrieben; Die adelige Jugend erhielt ihre Erziehung burch Frangofen ober boch nach frangofifchem Bufchnitt und vollendete ihre Bildung durch Reifen und burch langeren Aufenthalt in Baris, im Bertehr mit den tonangebenden Rreifen jener hauptftadtischen Bflangidule der verfeinerten Lebensformen und des gefelligen Umgangs. Un den Unis verfitaten und in der Biffenschaft mar noch immer die lateinische Sprace die berrichende; die Gelehrten und Brofefforen hielten es unter ihrer Burde, in der Sprache des Bolts ju foreiben oder ju lehren. Ihnen mar das Latein eben fo febr ein Rennzeichen boberer Bildung, wie den adeligen Berren und dem ihnen nachftrebenden boberen Burgerftande das Französische. In der Kirche wurde der todte Bortglaube in farrer Form und gemeiner Sprace gepredigt und bei Amt und Bericht bediente man fich eines barbarifchen Rangleiftile voll unverftandlicher Ausbrude und gefchmadlofer Formeln. Die Lage des deutschen Bolles war trostlos; Rationalgefühl, Selbstvertrauen und Selbstachtung dienen erftorben.

Aber mahrend mittelmäßige Talente und fnechtische Raturen willig dem Beitgeifte Anfabe gum hulbigten, das Fremde auf Rosten des Beimischen hoben, bewunderten und förderten und den Buftand geiftiger Erftarrung und unfruchtbarer Gelehrfamkeit festzuhalten fuchten, traten einige bochbegabte, von hoberem Sinn befeelte Manner dem herrichenden Unwesen entgegen und brachen die Bahn zu einer neuen nationalen Bildung. Bor Allem that es Roth, die deutsche Sprache, die Luther für die Religion, Opis und die Blieder des Palmenordens für die Dichtfunft erobert hatten, auch in die Biffenschaft

einzuführen. Und schon war der Mann gefunden, der diese Aufgabe zu lösen bemühr war — Christian Thomasius. Unterstützt von Bolf und der Leidnig-Bolfischen Philosophenschule, die und bereits bekannt geworden, und im Bunde mit Spener und hermann France, die wir an einem andern Orte als Begründer eines neuen kirchlichen Lebens kennen lernen werden, unternahm dieser Resormator der deutschen Lehrart einen Ramps gegen die durch herkommen und Sewohnheit gehelligten Nisbräuche, der nach vielem Arbeiten und Ringen der deutschen Sprache auch in den Lehrsäten und in der Bissenschaft eine Freistätte und zuletzt den Sieg gewann. Bas schon Balthasar Schupp in Schulpsorte vergebens in seinen "lehrreichen Schristen" empsohlen und angestrebt, seite Thomasus mit Ersolg durch.

Thomasius 1655—1728.

Chriftian Thomafius magte querft ben großen Rampf wiber verjährte Borurtheile. Als Privatbocent in Leipzig fchrieb er ein deutsches Programm (Discours), worin er die Ration aufforderte, im Gebrauch und in der Ausbildung der Mutterfprace bie Frangofen nachzunhmen, und bielt bann philosophische Borlefungen in beutscher Sprache. Unerschüttert burch bas Geschrei der Bebanten, die in der Reuerung eine Minderung ihres Ruhms erblidten, und der frengglaubigen Theologen, Die in feiner freien Richtung Gefahr fur Bion fürchteten, foritt Thomaftus auf der betretenen Bahn ruhig fort. Durch beutsche Bortrage wedte er ben Geift ber Jugend; burch populare Berte über miffenschaftliche und philosophifche Gegenftande bemubte er fic unter dem Bolte Licht und Aufklarung ju verbreiten; durch Begrundung ber erften deutschen Beitschrift ("Freimuthige, luftige und ernfthafte, jedoch vernunft- und gesetzmaßige Sedanten oder Monatgefprache über allerhand, bornehmlich über neue Bucher" 1688—90), worin mit Bis und Berftand die neuesten literarischen Erscheinungen gewürdigt wurden, suchte er eine neue Beriode der Literatur zu begründen und das barbarische Schullatein, das bisher auf dem Ratheder und in allen Lehrbuchern herrschte und bem er die Soulb beimag, daß die Deutschen hinter andern Rationen in der Bildung jurudftanden, ju berbrangen. Als der "Irrlehrer" bem Borne feiner Gegner 1698. weichen und unter bem Gelaute bes Armenfunderglodchens Leipzigs Mauern verlaffen mußte, begab er fich an der Spige einer Schaar treuergebener Studenten nach Salle und führte dadurch die Gründung einer neuen Universität herbei. Hier konnte er als Profeffor der Rechte mit weit mehr Rachdruck die Bahn verfolgen, die er in Leipzig eingeschlagen. Alles, mas einer freien Entwidelung hemmend im Bege ftand, ward von ihm mit den Baffen des Biges und Berftandes betämpft. Die fomachvollen Begenproceffe murben burch feine lateinifche, fpater ins Deutsche überfeste Abhandlung de crimine Magiae fo machtig erschuttert, bag fortan die meiften Gerichtshofe fic fcamten, dergleichen vorzunehmen. Beniger erfolgreich waren feine Angriffe gegen die Folter. Roch über ein halbes Jahrhundert bestand dieser Gräuel, bis der hochsinnige Markgraf Rarl Friedrich von Baden den Anftos jur Entfernung gab. Thomasius und Spener trafen barin zusammen, "daß fie nach ber Befreiung des Geiftes von Schulund Facultatszwang, bon ftarrer Sagung und tobtem Formelwefen, bon Bedanterei, Borurtheil und nuplofer Bortgelehrsamkeit ftrebten; daß fie den Glauben und das Biffen innerlich ju befruchten und in lebendiges Birten überguleiten, der Robbeit bes Beitgeiftes in Sitten, Reigungen und Gefchmad entgegen ju arbeiten fuchten" und daß fle vor Allem bemuht waren, burch Ausbildung, Beredelung und Berbreitung der bentschen Sprace bie Kluft zwischen dem Bolt und der vornehmen und gelehrten Belt auszugleichen, die zwifchen den hoberen und geringeren Standen aufgerichtete Scheides mand zu burchbrechen und niebergureißen.

# G. Das achtzehnte Jahrhundert in den vier ersten Jahrzehnten.

Gefcichte-Literatur: 1. Berte allgemeineren Inhalts: F. C. Soloffer, Gefch.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u. f. w. 5. Aufl. Beibelberg 1864-70. 8 voll. 8. Sfrorer, Gefch. bes 18. Jahrh. herausg. von Beiß. Schaffh. 1862. 4 voll. Das S. 349 erwahnte Bert: R. v. Roorden, Europaliche Gefch. im achtg. Sahrh. Bb. 1. II. bie incl. 1707. Duffelb. 1870. 74. und die mehrfach angeführte Gefch. Europ. feit Ende bes 15. Sahrh. bon Raumer. Leipz. 1832 ff. 7 voll. - F. Forfter, Bofe und Rabinette Europ. im achtzehnten Jahrh. Potsb. 1836-39. 8 voll. 8. - Dazu die bekannten hiftorischen Monographien von Voltaire (siècle de Louis XIV. et L. XV.; hist. du Parlament; hist. de Pierre le grand; de Charles XII.); die legten Bande des Theatrum Europacum (XI., 779). - 2. Bur Rriegsgeschichte: Lord Mahon, hist. of the war of the succession in Spain. Lond. 1832. Arneth, Bring Eugen von Savogen. Bien 1858 f. 3 voll. Ueber Starhemberg u. Prinz Lubw. v. Baden. S. 433. und Coxe, memoirs of the duke of Marlborough 6. 463; histoire du duc de M. Par. 1806. 3 voll. 3. Memoiren S. 349 f. insbesondere die von Torch, Berwid, G. Simon, Roailles. Dagu noch: Lamberty, mém.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XVIII. siècle-à la Haye 1729. 11 voll. 4. Louville mémoires secrets sur l'établissement de la maison de Bourbon. Par. 1818. - Coxe, memoirs of the kings of Spain of the house of Bourbon. Lond. 1813. 3 voll. - 4. Bur Gefch. einzelner Staaten und Berioben: Frantreich 6. 349 ff. Dazu noch: Lacretelle, hist. de Fr. pend. le 18. siècle. Par. 1819 ff. Le montey, hist. de la régence et de la minorité de Louis XV. 2 voll. Par. 1832. B. Rrobn, die letten Bebensjahre Lubw. des Bierzehnten. Bena u. Beipg. 1865. - Capofigue, Phil. d'Orléans, Régent de France. Bruxelles 1844. - Wood, Memoirs of the life of John Law. Edinb. 1824 und Rurgel, Gefch. ber Lawichen Minangoperat. cei. In Raumers hist. Taschenb. 1846. — hist. du système des finances sous la minorité de Louis XV. à la Haye 1739. — Marmontel, hist. de la Regence du duc d'Orléans Par. 1806. — Houssonville, hist, de la réunion de la Lorraine à la Fr. Par. 1860. 2 edit. 4 voll. Die pyrenaifche und apenninische Galbinfel: 6. 284 f. Daju noch: Rousset, hist. du card. Alberoni et de son ministère cet. à la Haye 1720. 2 voll. und aur Gefch. ber Benet. turtifden Rriege: Denkwurdigkeiten bes Grafen v. ber Schulenburg. Leipz. 1834. 2 voll. - Großbritannien S. 462 f. Bu ben bort angeführten Berten, worunter besonders Macpherson und Somerville für die folgende Beriode von Bebeatung find, noch beisufügen: Mahon, hist. of Engl. from the peace of Utr. to the peace of Aix-la-Chapelle L. 1836. 5. Muff. 1858. 7 voll. 8. Will. Gibson's hist. of the affairs of Europe from the peace of Utr. cet. Lond. 1725. -- Oldmixon, the hist, of E. during the Reigns of K. Will. Q. Mary, Q. Anne, K. G. I. Lond. 1735 f. — Boyers hist of the life and reign of Q. Anne Lond. 1722 f. — Burton, hist. of Scotland (from 1689-1748). 2 voll. - Defoe, the lastory of the Union between Engl. and Scotl. Edinb. 1709 f. — The memoirs of Kers of Kersland cet. Lond. 1726. 3 voll. - Mém. secrets de Myl. Bolingbroke cet. écrits par lui même 1717, adressée en forme de lettres au chev. Windham. Lond. 1753. Aud D. 1755. — Cooke, mém. of L. Bolingb. 1835. — Letters and corresp. of Bol. by Parke 1798. 4. Bolingb. Works Lond. 1753. 1808. - Will. Coxe, mem. of the life and administration of Sir Rob. Walpole Lond. 1798. 3 voll. - Riebers lande 6. 351. - Defterreiche Ungarn: 6. 433. Dagu noch: Bahrhafte Beidreibung von dem feit 1701-11 gewährten Rebellionote. in Ungarn. Coln 1711. - Scanbinavien,

Außland, Bolen: S. 594. 95. Dazu: (Aordberg) Leben Rarls XII. R. b. Schweden Hamb. 1745—51. 3 voll. f. — Lundblad, Gesch. Karls XII. Deutsch von Zenssen. Hamb. 1835. 2 voll. — Fabrice, Zuverlössige Gesch. Rarls XII. während seines Ausentiglie der Türkei. Leipz. 1762. — Theyl,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Charles XII. Leyde 1722. — G. Adlerseld, hist. milit. de Charles XII. Amst. 1740. 4 voll. 12. Auch D. Franks. u. Leipz. 1740. 3 voll. 8. — Reslexions sur les talents mil. et sur le char. de Charl. XII. 1786. 8. (von König Friedr. II.) — A. Gojer, Leben und Gesch. König Friedr. IV. Tondern 1829. 2 voll. — A. Fr. Büsching, Magazin sür historie und Geographie. Hamb. 1767—93. 25 voll. (Darunter Bd. II. III. über Münnich, Ostermann, Bestuckew. Bd. 9 Eclaircissements sur plusieurs saits arrivés sous P. le grand, tirés de papiers du C. de Bassewits). Sul. Escardt, Livland im 18. Sahrt. Leipz. 1875. Mémoires hist. polit. et militaires sur la Russie depuis 1727—1744 par Manstein. Leipz. 1771. — Die Ansänge des besanuten Berts: Hist. de l'anarchie de Pologne et du demembrement de cette république par Cl. C. de Rulhière. Par. 1819. 4 voll. u. a. B.

## I. Der fpanische Erbfolgekrieg.

### 1. Vorgeschichte.

Die Lage Franfreichs.

In dem Frieden von Ryswid hatte man die "große Frage" der fpanischen Erbfolge unberührt gelaffen: noch mar ja Rarl II. am Leben und Defterreich noch immer mit bem Türkenkrieg beschäftigt. Dem Berfailler Sof mußte et daber als ein Gewinn erscheinen, wenn er einige Jahre der Rube gur Borbereitung für tunftige Greigniffe erlangte, um mittelft biplomatifcher Runfte und Unterhandlungen eine Entscheidung berbeizuführen, welche burch eine Berlangerung des Rrieges nimmermehr zu erwarten mar. Roch mar Frankreichs Macht und Ansehen ungebrochen; die inneren Schaben und Gebrechen, Die wir bereits angedeutet, maren bem übrigen Europa verborgen: daß die wirthichaft. lichen Reformen Colberts faft fammtlich wieder in Berfall gerathen, baf die Grundsteuer, die besonders den geringen Mann ichwer belaftete, zu einer fast unerschwinglichen Sobe hinaufgeschraubt worden, daß die Bolle und Abgaben für Gin- und Ausfuhr Aderbau, Induftrie, Sandelsthätigkeit labmten, daß die weitgreifende Ropffteuer, die einer Gintommenfteuer gleich tam, tief in ben Boblstand der Mittelliaffen einschnitt, daß der Aemterverkauf mit allen Migbrauchen, felbst mit Ausdehnung auf die Militarstellen wieder gurudgetehrt mar, daß eine Schuld von 730 Millionen Livres mit ungefähr 40 Millionen jährlich verzing. bar auf dem Naden des Staats lastete und durch ein Deficit im Staatsbudget fich von Jahr zu Jahr mehrte ohne jegliche Ausficht auf Amortisation; von diefen und andern wirthichaftlichen Gebrechen, von dem zunehmenden Berfall des Nationalvermögens hatte man im Auslande keine Renntniß. War denn in Berfailles nicht ftets Gelb borbanden, um den Lurus und Glang bes Sofes ohne alle Cinfchrantung aufrecht zu halten, um fremde Fürsten, Minister und

Parteigänger mit Gaben zu erfreuen, um einen achtjährigen Arieg gegen Europa ohne Anzeichen von Erschöpfung zu führen? Und wenn auch Augemburg und die Alpenfestungen zurückerstattet, Lothringen wieder geräumt wurde, so waren dies freiwillige Zugeständnisse um des Friedens willen, während das Elsaß mit Straßburg, während die fortisicatorische Abrundung der Grenzgebiete im Osten und Rorden ein dauernder Gewinn für die Monarchie blieben. Auch die Wassenseine war gemehrt, die Achtung des Auslandes vor der militärischen Ueberlegenheit Frankreichs gestärkt worden; nie hatten fremde Heere den Boden Frankreichs betreten und auf dem Meere hatte die französische Flotte den mächtigsten Seessaaten Holland und England tapfern Widerstand geleistet.

Es war baber vorauszusehen, daß Ludwig nicht verfehlen murbe, die dy- Die Erbnaftischen Ansprüche feines Saufes bei ber Erledigung bes spanischen Thrones geltend zu machen, wie er oft genug tund gegeben; und bei bem fcmantenden unfichern Erbfolgerecht mar es gang natürlich, bag er ein gewichtiges Bort mitjureden habe. Wir wiffen, daß weber er felbst noch das Parifer Barlament die Bergichtleistung der Königin Maria Therefia anerkannt hatte, da Riemand Die Rechte feiner Rachtommen veräußern und ein Reichsgefet nicht durch willfürliche Bestimmung beseitigt werben konne. Und war benn die Erbberechtigung des Raifers Leopold außer allen Zweifel gestellt? Allerdings hatte Ronig Philipp IV., als er feine zweite Tochter Margaretha bem öfterreichischen Bermandten in bie Che gab, ihr und ihrer Rachfommenschaft bie Erbfolge jugefichert. Allein die Raiferin war tobt; ihre einzige Tochter Maria Antonia hatte ihrem Gemahl, dem baierifchen Rurfürften Dag Emanuel, im tobtlichen Bochenbett ein Gohnchen 1892. geboren, bem nach ber Abstammung und nach ber Bestimmung bes Großbaters jomit das nachfte Unrecht zustand. Bohl hatte Leopold die Tochter babin gebracht. daß auch fie bei ihrer Berheirathung ihren Erbanspruchen entsagte; aber babei wiederholte fich berfelbe Ginwand. Maria Antonia konnte nach bem ermähnten Grundfat fo wenig ihre Rachkommenschaft ber erblichen Rechte berauben, als ihre Tante. Die Sohne bes Raifers Leopold von einer andern Gemablin batten somit gesetslich tein besseres Recht als die Rachkommen Ludwigs XIV. Da lag es benn nabe, daß bei ber großen Bedeutung ber Erbfolgefrage fur ben Frieden und bas Gleichgewicht Europa's die unbetheiligten Machte eine Berftandigung und friedliche Lofung berbeizuführen fuchten. Riemand aber hatte ein boberes Intereffe, daß tein anderer Großstaat in Spanien einen überwiegenden Ginfluß gewinne, als England und Solland. Seit bem wirthschaftlichen Berfall bes spanischen Reiches, der uns aus früheren Blattern befannt ift, hatten die beiden Seevolter ben Baarenumfat in allen Theilen ber Monarchie in ihre Bande gebracht; fie bezogen die Rohftoffe, insbesondere Bolle und Metalle aus ben spanifchen Ländern biesseits und jenseits des atlantischen Oceans und führten dafür Kabricate auf die svanischen Märkte. Ueber die Bolle murden fie mit der Regierung und bem gelbbedürftigen Sofe in Mabrid leicht einig. Und ba bie

beiden rivalifirenden Sandelsstaaten, die sonst so oft entgegengesette Richtungen einschlugen: bamale mehr ale je einig waren, indem ber Dranier Bilbelm IU. augleich das Statthalteramt in den Riederlanden und den Ehron in dem britischen Reiche inne batte, so wurde bier der eifrigste Bersuch gemacht, einen Ausgleich au Stande au bringen, ebe die Entscheidung des Schwertes gesucht wurde. 1698. Die diplomatische Mission Bilhelm Bentint's Grafen von Bortland, dem der englische Rönig fein ganges Bertrauen zugewendet hatte, follte ben Beg bahnen. Man glaubte am besten jum Biele ju tommen, wenn ber baierifche Rurpring Joseph Ferdinand das spanische Pprenäenland und die Colonien beherrsche, die übrigen Länder ber Monarchie awischen Frankreich und Desterreich bertheilt murben. Die Statthalterschaft ber Rieberlande, welche Max Emanuel, ber Bater des jungen Pringen verwaltete, tonnte, wie ihm ichen fruber Soffnung gemacht worden, in feiner Berfon "perpetuirt" werben. Auf folde Beife glaubte man augleich bem Erbrecht und bem Grundsat bes europäischen Bleichgewichts au genügen. Ein im Haag abgeschloffener Theilungsvertrag vom 11. Oct. 1698 bewegte fich in biefer Richtung. Auch Ludwig XIV. ftimmte ihm zu, um die

Stimmung in Spanien.

Seemachte fur fich zu gewinnen. Es war eine auffallende Erscheinung, daß Fremde über das spanische Erbe verfügten, ohne dabei die Mitwirtung des Konigs ober der Ration nachzusuchen. Aber an wen follte man fich halten? Die Cortes waren langft nicht niehr einberufen worden, die Granden und die Minister waren bereits fur die eine ober die andere Partei gewonnen; ber Konig war schwach und hinfallig und taum eines eigenen Billens fabigi; seine zweite Gemahlin Maria Anna (G. 317), die nach dem Tode der Königin Mutter den Sof und ihren Gemahl ausschlieflich beberrichte, hatte fich burch ihre Leidenschaftlichkeit, Rantesucht und Launenhaftigfeit viele Feinde gemacht, und ihre Bertrauten und Gunftlinge, die fie aus Deutschland mitgebracht, die Grafin Berlepfch, ihr Beichtvater ber Tiroler Gabriel Chiusa und ihr Secretar Baron Beiser hatten durch ihre Sabsucht und Rauflichteit die ganze Ration gegen die öfterreichische Sofcamarilla aufgebracht. Ein banges Gefühl von Migmuth und Beforgniß mar in alle Gemuther eingebrungen; mit Unrube blidte man in die Butunft. Es läßt fich denten, wie febr diefe Erregung fich fteigern mußte, als trot ber bedungenen Bebeimbaltung bes Theilungs. vertrags die Runde nach Madrid drang, daß die Bestmächte fich berausgenommen batten, noch ju Lebzeiten bes Ronigs über beffen Erbe ju verfügen. Richt nur die Sabsburgischen Barteiganger am Sof und bei ber Regierung, auch die Ration wurde von Unwillen und Grimm erfaßt. Denn wie gerfahren und herabgewürdigt bas spanische Staatswesen immer sein mochte; so war doch ber Rationalfiolz und die Erinnerung an die frubere Große nicht erloschen. In jeder spanischen Bruft lebte noch bas Gefühl, daß die Borfahren einst bas gebietenbe Ansehen

in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familie besessen, daß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die erste Großmacht gewesen. Und nun sollte dieses Reich, die Schöpfung so vieler

Generationen, fo vieler Arbeiten und Anstrengungen gespalten und gerriffen, bas Jundament ber politischen Große zerschlagen werben! Wie wenig immer bie bespotische Sand ber Sabsburger im Stande gewesen war, ben Barticularismus der einzelnen Brobingen und Sander zu erftiden und ein nationales Gefammtgefühl zu erzeugen; wie febr noch immer ber aragonisch-catalonische Often bie angeftammte Antipathie gegen bas übermuthige und bevorzugte Castilien festhalten mochte, die Spanier bes Phrenaenlandes waren von dem instinctiven Gefühle burchbrungen, bas mit ber Theilung bes Reiches ihre Beltstellung, ihre nationale Große und bamit ibre perfonliche Bedeutung auf immer verschwinden wurde. Und felbft die fpanifch-italienischen Staaten batten bei einem bynaftischen Bechsel wenig Gutes zu erwarten; wie unerfreulich immer bie Buftanbe fein mochten, eine zweihundertjährige Gewohnheit übt eine conservative Gewalt. Und welches Schickfal brobte ben brabantischen und flandrischen Provinzen, die wie ein Reil zwischen zwei eroberungefüchtige Großmachte eingetrieben bon Guben durch eine politische, von Rorden durch eine religiose Propaganda bedrobt maren?

Ronig Rarl II. handelte daber gang im Sinne ber fpanischen Boller, wenn Reue Berer im Unmuth über die fremde Anmagung ben baierischen Großneffen Joseph Berdinand auf Grund bes Geburterechts jum Gefammterben feines Reiches einsette. Bielleicht batte diefer Ausweg, der die Competenz der beiden Großmadte ausschloß, eine friedliche Lofung ber hochwichtigen Frage gur Folge gebabt. Aber bas Schidfal gerriß alle Berechnungen politischer Rlugheit. Roch che der junge Rurft bas fpanische Schiff besteigen tonnte, bas ihn von Antwerpen nach bem Site feiner funftigen Berrichaft führen follte, ftarb er ploglich an ben 860r. 1400. Boden. "Graf Merode ergählt, er habe nie den judischen Medicus Don Lups vergeffen konnen, ben er in bem Rrankenzunmer fab, ben Ruden nach bem brennenden Ramin gewandt, benn diefen beschuldigte man, mahrscheinlich boch ohne Grund, die Krantheit durch Gift unterftutt zu haben." Rurfürft Mag Emanuel fließ an der Leiche des Sohnes die härtesten Anschuldigungen gegen die öfterreichischen Bermandten aus. Dieses unerwartete Ereigniß öffnete ben Intriguen und den diplomatischen Runften von Reuem ein weites Feld; Madrid wurde ein großer Martt für Rante und Schleichmege, wo Barteifucht und perfonliche Bwede, Berführung und Rauflichkeit, bynastische und politische Blane ihre angiehende und abstogende Rraft übten. Daneben tauchten neue Borichlage von Landertheilungen und Austauschungen auf: Der mit dem frangofischen Ronigs. haus verwandte Bergog von Lothringen follte fein Erbland an Frankreich abireten und bafür entweber Belgien ober Mailand erhalten; ber Ronig von Boringal auch bie Krone von Spanien erlangen u. bergl. m. Aber alle Entwurfe, die mehr die europäischen Intereffen, als bas Erbrecht ober die Bunfche bes spanischen Ronigs und Boltes berudfichtigten, fanden wenig Anklang bei ben betheiligten Machten. So weit ging freilich weber ber habsburgische noch ber bourbonische Chrgeig, daß Leopold ober Ludwig nach einer Bereinigung der ge-

beiden rivalifirenden Sandelsstaaten, die sonst so oft entgegengesette Richtungen einschlugen: bamale mehr als je einig waren, indem ber Oranier Bilhelm III. augleich bas Statthalteramt in den Riederlanden und den Thron in dem britischen Reiche inne batte, so wurde bier der eifrigste Bersuch gemacht, einen Ausgleich au Stande au bringen, ebe die Entscheidung bes Schwertes gesucht wurde. 1698. Die diplomatische Mission Bilhelm Bentint's Grafen von Portland, dem ber englische Ronig fein ganges Bertrauen zugewendet hatte, follte ben Beg bahnen. Man glaubte am besten jum Biele ju tommen, wenn ber baierifche Rurpring Joseph Ferdinand das fpanische Pyrenaenland und die Colonien beberriche, Die übrigen Länder der Monarchie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Defterreich vertheilt murben. Die Statthalterschaft ber Rieberlande, welche Max Emanuel, ber Bater bes jungen Bringen bermaltete, tonnte, wie ihm ichen fruber Soffnung gemacht worden, in feiner Berfon "perpetuirt" werden. Auf folde Beife glaubte man zugleich bem Erbrecht und bem Grundfat bes europaischen Bleichgewichts zu genügen. Ein im Haag abgeschloffener Theilungsvertrag vom 11. Det. 1698 bewegte fich in diefer Richtung. Auch Ludwig XIV. ftimmte ibm zu, um die Seemachte für fich ju gewinnen.

Stimmung in Spanien.

Es war eine auffallende Erscheinung, bag Fremde über bas spanische Erbe verfügten, ohne babei die Mitwirtung bes Konigs ober ber Ration nachausuchen. Aber an wen follte man fich halten? Die Cortes waren längst nicht mehr einberufen worden, die Granden und die Minister waren bereits für die eine ober bie andere Partei gewonnen; ber Ronig war fcmach und binfallig und taum eines eigenen Billens fabigi; feine zweite Gemablin Maria Anna (S. 317), die nach dem Tode der Königin Mutter ben Hof und ihren Gemahl ausschließlich beberrichte, hatte fich durch ihre Leidenschaftlichkeit, Rankesucht und Launenhaftigfeit viele Feinde gemacht, und ihre Bertrauten und Gunftlinge, die fie aus Deutschland mitgebracht, die Grafin Berlepfch, ihr Beichtvater der Tiroler Gabriel Chiusa und ihr Secretar Baron Beiser hatten burch ihre habsucht und Rauflichteit die ganze Ration gegen die österreichische Hofcamarilla aufgebracht. Gin banges Gefühl von Mismuth und Besorgnis war in alle Gemuther eingebrungen; mit Unruhe blidte man in die Butunft. Es lagt fich benten, wie febr biefe Erregung fich fteigern mußte, als trop der bedungenen Beheimhaltung bes Theilungs. vertrags die Runde nach Madrib drang, daß die Weftmächte fich berausgenommen batten, noch ju Lebzeiten des Ronige über beffen Erbe ju verfügen. Richt nur die Sabsburgischen Parteiganger am Sof und bei der Regierung, auch die Nation wurde von Unwillen und Grimm erfaßt. Denn wie gerfahren und herabgewurdigt bas spanische Staatswesen immer sein mochte; so war boch ber Rationalfioly und die Erinnerung an die frubere Große nicht erloschen. In jeder spanifchen Bruft lebte noch das Gefühl, daß die Borfahren einft das gebietende Anfeben in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familie befeffen, daß die svanische Monarchie die erfte Großmacht gewefen. Und nun follte biefes Reich, Die Schöpfung fo vieler

Generationen, fo vieler Arbeiten und Unftrengungen gefpalten und gerriffen, bas Gundament der politischen Große gerschlagen werden! Wie wenig immer die bejpotifche Dand ber Babsburger im Stanbe gewesen mar, ben Barticularismus ber einzelnen Provingen und Lanber zu erftiden und ein nationales Gefammtgefühl zu erzeugen; wie febr noch immer ber aragonisch-catalonische Often bie angeftammite Untipathie gegen bas übermuthige und bevorzugte Castilien feft. halten mochte, die Spanier bes Phrenaenlandes waren von bem inftinctiven Gefühle burchdrungen, bas mit ber Theilung bes Reiches ihre Beltstellung, ihre nationale Größe und bamit ihre perfonliche Bedeutung auf immer verschwinden wurde. Und felbft die fpanifch-italienischen Staaten batten bei einem bynaftischen Bechsel wenig Gutes zu erwarten; wie unerfreulich immer bie Buftande fein mochten, eine zweihundertjährige Gewohnheit übt eine confervative Gewalt. Und welches Schicffal brobte ben brabantischen und flandrischen Provinzen, die wie ein Reil amifchen zwei eroberungefüchtige Großmächte eingetrieben bon Guben burch eine politische, von Rorden durch eine religiose Propaganda bedroht maren?

Ronig Rarl II. handelte baber gang im Sinne ber fpanischen Bolfer, wenn Reue Berer im Unmuth über die fremde Anmagung ben baierifchen Großneffen Sofeph Berbinand auf Grund bes Geburtsrechts jum Gefammterben feines Reiches einsette. Bielleicht batte biefer Ausweg, der die Competeng ber beiden Großmachte ausschloß, eine friedliche Löfung ber bochwichtigen Frage jur Folge gehabt. Aber bas Schickfal gerriß alle Berechnungen politischer Rlugheit. Roch che ber junge Rurft bas fpanische Schiff besteigen tonnte, bas ihn von Antwerpen nach bem Sige feiner funftigen herrschaft führen follte, ftarb er ploglich an ben 8chr. 1899. Boden. "Graf Merode ergablt, er habe nie ben judischen Medicus Don Lups bergeffen konnen, ben er in bem Rrankenzimmer fab, ben Ruden nach bem brennenden Ramin gewandt, denn diesen beschuldigte man, wahrscheinlich boch ohne Grund, die Krantheit durch Gift unterftutt zu haben." Rurfürft Dag Emanuel fließ an ber Leiche bes Sohnes bie barteften Anschuldigungen gegen bie öfterreichischen Bermandten aus. Dieses unerwartete Ereigniß öffnete ben Intriguen und den diplomatischen Runften von Reuem ein weites Geld; Madrid wurde ein großer Martt fur Rante und Schleichmege, wo Parteifucht und verfonliche Bwede , Berführung und Räuflichkeit, bynastische und politische Plane ihre angiebende und abstogende Rraft übten. Daneben tauchten neue Borichlage von Lanbertheilungen und Austauschungen auf: Der mit bem frangofischen Ronigshaus verwandte Bergog von Lothringen follte fein Erbland an Frankreich abtreten und bafür entweder Belgien oder Mailand erhalten; ber Ronig von Bortugal auch die Krone von Spanien erlangen u. bergl. m. Aber alle Entwürfe, die mehr die europäischen Intereffen, als bas Erbrecht ober die Buniche bes spanischen Ronigs und Boltes berudfichtigten, fanden wenig Anklang bei den betheiligten Machten. Go weit ging freilich weder der habsburgifche noch ber bourbonische Chraeig, bag Leopold ober Ludwig nach einer Bereinigung ber ge-

sammten spanischen Monarchie mit den eigenen Reichen getrachtet hatten: Die Wiederherstellung einer Weltherrschaft Karls V. stand zu sehr im Widerspruch mit dem politischen Beitgeist. Beide Potentaten hatten es nur auf die Gründung einer Secundogenitur abgesehen: Der Raiser verlangte die spanischen Besitzungen für seinen zweiten Sohn, den Erzherzog Karl, Audwig für seinen zweiten Enkel, der Herzog von Anjou; in einem wie in dem andern Falle sollte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in ihrem dermaligen Bestand und in ihrer Unabhängigkeit als einheitlicher Staatskörper sortdauern. Aber im Stillen suchte doch zugleich sebe der beiden Großmächte Bortheile für das eigene Reich zu erwerben: Der Raiser wollte Mailand gewinnen, Ludwig eine Art Schußherrschaft über den Enkel und die spanischen Länder aufrichten.

harrach und harcourt.

Das Sauptanliegen war nun, den hinficchenden Ronig ju bewegen, daß er vor feinem Lobe eine letitwillige entscheidende Berfugung treffe. Dabin follten die beiden Gefandten, Graf harrach und der Marquis von Sarcourt wirten. Aber wie verschieden waren diese beiben Diplomaten und wie ungleich ihre Gaben für ihre hochwichtige Miffion! Ferdinand Bonaventura bon Sarrach mar ein alter bequemer Berr, dem fein Sohn Graf Alops, ein Mann von geringen Gaben und wenig ehrbarem Lebenswandel, als Behülfe gur Seite ftand. Er hatte foon fruber ben Befandtichaftspoften in Madrid inne gehabt, hatte die Bermahlung des Raifers vermittelt und fich die Gunft und das Bertrauen feines Monarchen in hohem Grade erworben. Leopold hatte den Selmann von ftillem einnehmenden Befen, der ihm nie mit Bitten und Borftellungen weder für fich noch andere laftig fiel, gerne um fic. Auf ben taiferlichen Jagden, bei denen harrach fein fteter Begleiter war, besprach er oft in bertraulicher Beise mit dems selben die öffentlichen Angelegenheiten. Es fehlte dem Grafen nicht an Berftand mobl aber an Energie und Selbftvertrauen. Bie fein herr und Meifter erwartete er das Beste von der Zeit und von Gott, "ber in Allem übernatürlich für das Haus Ocsterreich operiret." Bie gang anders verftand ber außerordentliche Gefandte Ludwigs XIV. der Marquis henry von harcourt feine Aufgabe. Die erft turglich erfolgte Beröffentlichung der Briefe und Gefandtichaftspapiere aus bem gamilienarchiv durch bippeaux lagt uns beutlicher als fruber bie gange Birtfamkeit des Marquis erkennen. Gin ritterlicher Mann von altem Adel, durch militarifden Ruhm ausgezeichnet und mit glangenden gefellichaftlichen Gigenschaften und gewandten Manieren begabt, mußte er bald in den höchsten Rreifen fich Freunde und Gonner zu erwerben, zumal da ihn die Freigebigkeit seines Monarchen in die Lage feste, die verführerische Racht des Goldes an der rechten Stelle anzuwenden. "Sarcourt war ein mahres Mufter der frangofifden Aristocratie in den Tagen ihres höchsten Glanzes", urtheilt Macaulan in einer Abhandlung über Lord Mahon's Geschichte des fpanischen Erbfolgefrieges, "ein feingebildeter Ebelmann, ein tapferer Rrieger und ein geschidter Diplomat. Seine bofifchen und einschmeichelnden Manieren, feine Barifer Lebhaftigfeit, Die er burch caftilianifchen Ernft zu maßigen verftand, machten ibn zum Liebling bes gangen Sofes. Er murde der Bertraute der Granden, schmeichelte der Geiftlichkeit und blendete die Menge mit seiner prachtigen Lebensweise. Die Borurtheile, Die in Madrid gegen den frangofifchen Charafter herrichten, und die Rachegefühle, die fich in Sahrhunderten nationaler Giferfucht erzeugt hatten, fowanden bor feinen Runften nach und nach dahin, mabrend ber öfterreichische Gefandte, ein murrifcher, gefpreizter, geiziger Deutscher, fich felbft und fein Baterland jeden Tag unbeliebter machte."

Bir durfen nicht in das Gewebe von Rabalen, in die Schleichwege ber garls 11. biplomatifchen Umtriebe, nicht in die schmutzigen Gange ber Leidenschaft, ber Teftament. Barteifucht, ber Luge und Berleumbung eintreten, welche die ju Ende gebenden Tage bes letten fpanischen Sabsburgers umlagerten. Der Ronig, balb von bem ichlauen ehrgeizigen Cardinal Portocarrero, Erzbischof von Toledo, und seinen Parteigenoffen auf die frangofische Seite gezogen, bald bon feiner Gemablin und der öfterreichischen Camarilla für den Raiferfohn bearbeitet, versant in Erübfinn. Man angstigte sein Gewiffen burch die Borftellungen von der schweren Berantwortlichteit, die er burch eine Sunde, einen Fehltritt auf seine Seele labe. Er flieg in das Grabgewölbe von Escurial nieder, ob ihm der Anblick feiner tobten Borfahren ben richtigen Ausweg aus bem bunteln Labhrinth zeigen wurde; er ließ ben Sarg feiner erften beifgeliebten Gemablin aufbeden und fog aus ben noch wohl erhaltenen Bugen die fuße Soffnung, bald mit ihr vereint zu fein. Selbft nach Rom wandte er fich, um in ber peinlichen Ungewißheit, wie er fein Testament einrichten solle, durch den Rath des beil. Baters erleuchtet zu werden. Er felbst neigte in seinem Bergen mehr gu ber blute. und stammbermandten Rebenlinie in Defterreich; aber es war ihm eine Gewissenssache, daß das Reich in feiner Gefanuntheit erhalten bleibe, eine Berglieberung, wie die Weftmachte fie ins Auge gefaßt, erschien ihm als Sunde und Berbrechen. In Bien konnte man fich nicht entschließen, durch die Aufftellung einer Militarmacht, wie Rarl II. wunichte, eine herausfordernde Haltung anzunehmen, und durch Harrach wurde Die öfterreichische Partei nicht fo eifrig und nachbrudlich unterftugt, daß fie ben thätigen Gegnern ben Rang batte abgewinnen tonnen. Bar boch felbft die launenhafte, heftige Ronigin gulept gegen den Raiferhof eingenommen, fo baß fie den Minister Oropeza, den eifrigften Parteiganger Sabsburgs aus Madrid verwiesen hatte, und ihre beutschen Sunftlinge standen in Harcourts Solbe. Auch das Antwortschreiben des Papftes gab bem Bourbonischen Bewerber ben Borjug. Bugleich wurde Rarl burch Bollsaufftande in Madrid zu Gunften ber frangofischen Thronfolge geangstigt. Meußere Aufreigungen und innere Sompathien wirkten dabei zusammen. Die Gemeinschaft bes romanischen Blutes machte fich geltend. So wurden benn die frangöfischen Ginfluffe immer machtiger bei bem binfcwindenden Ronig. Man führte ihm zu Gemuthe, daß nur Frankreich ftark genug sei, die Ginheit bes Gesammtstaats zu erhalten. Diesen Borfiellungen vermochte ber fcwache trante Fürft nicht zu widersteben. Benige Bochen vor seinem Lode unterzeichnete er insgeheim eine Urkunde, welche den Bergog Philipp von Anjou, den Entel feiner Salbichwefter Maria Therefia zum Erben ber spanischen Monarchie einsette. "Gott verschenkt Ronigreiche und nimmt fie wieder wege foll er bei der Bollgiehung des Attes ausgerufen haben. Für den Fall, daß der Genannte die Annahme verweigern oder kinderlos sterben wurde, follte in zweiter Linie fein Bruder ber Bergog von Berry, in britter Ergbergog Rarl berufen werden, eine Bereinigung ber spanischen Rrone mit ber

tonialichen Berrichaft in Frantreich ober mit ber taiferlichen Burbe im Reiche auf jede Beife ausgeschloffen fein. Für weitere Eventualitaten war das bergog. liche Haus Savopen in Ausficht genommen. Am 1. Rovember 1700 schloffen fich die Augen des spanischen Sabsburgers für immer. Bis zur Ankunft des neuen Ronigs follte ein Regentschafterath, Junta, beffen einflugreichftes Mitglied ber Cardinal Vortocarrero war, die Regierungsgeschäfte besorgen.

Die Bes

Der frangofische Bof befand fich in Fantaineblean, als ein Courier die rathung in Bontaines Rachricht von dem Sinscheiben des Königs und von seiner lettwilligen Ber-9. 900. 1700. fügung überbrachte. Man hatte wohl schon vorher die Eventualitäten diefes Falles ins Auge gefaßt und in Ueberlegung gezogen, ob man im Berein mit den Seemachten die im zweiten Theilungsvertrag verabredeten Bestimmungen durchführen und bei der früheren Uebereintunft beharren oder ob man das Teftament des Rönigs annehmen follte. Durch das doppelte Spiel hatte Ludwig die Sache sehr erschwert. Trat er jest für die neue Bendung ein, so machte er sich die Riederlande und England zu Feinden und wedte abermals das Mißtrauen Europa's. Ein neuer Rrieg ftand bann in Aussicht. Aber war dieser benn überhaupt zu vermeiden, da sowohl Spanien als Desterreich nichts von der Ausführung ienes Bertrages wiffen wollten, nicht einmal die Berzoge von Lothringen und Savopen, die zu einer Bertauschung ihrer Erblander gegen andere gebracht werden follten, fich den Anordnungen geneigt zeigten? Und follte der tatholische Rönig, der die kirchliche Ginheit in feinem Reiche mit fo großen Rampfen und Opfern durchgeführt, nun Sand in Sand mit den protestantischen Sauptmächten wider die glaubensverwandten Bolter ber fpanifchen und öfterreichischen Monarchien zu Felde ziehen, um im Interesse ber europäischen Convenienz ein Staatenspftem zur Ausführung zu bringen, bas für Frankreich und die Bourboniche Ohnaftie weniger vortheilhaft war als die teftamentarische Beftimmung? 3m Rathe ber Krone fehlte es nicht an Mannern, die mit großem Bebenten auf das erschöpfte Land blidten und mit Grauen einem neuen Rrieg entgegensaben, ehe die Wunden bes alten geheilt waren. Roch war ber Beift Colberts nicht gang berfdwunden : er lebte fort in feinem Reffen, bem Darquis von Corcy, in feinen beiden Schwiegerfohnen, den Bergogen bon Chebreufe und Beau. villiers; und auch ber Rangler Pontchartrain, deffen funkelndes Auge Chrgeis und Selbswertrauen verrieth, vertannte die Migstande nicht, welche das bisherige Shitem über Frankreich gebracht: allein ber Ronig wurde mit bem gunehmenden Alter immer eigenwilliger; im Glauben an feine Unfehlbarteit haßt er jeden Biderfpruch; ein kleiner Rreis hingebender und fcmiegfamer Danner bildete mit Ludwig felbft und ber Frau von Maintenon ein Hofcabinet neben bem Ministerrath. "Un biesem Stolze bes selbstvergotternben Berrichers icheiterte alles, was das Friedensbedürfniß der Welt und die Gunft des Bufalls für die Rronung ber tonialich bourbonichen Staatstunft gethan."

In seinem Innern war ber Ronig gleich Anfangs entschloffen, Die burch Die Entscheis das Schicfal dargebotene Gelegenheit, Die bynastische Chre seines Sauses Boilipp von und die Bortheile und Machtstellung Frankreichs zu erhöhen, nicht aus ber band ju geben. Doch hielt er einige Tage mit feiner Meinung jurud. Erft nach einigen Besprechungen mit Frau bon Maintenon und feinen Rathen, wobei ber Bergog von Anjou felbft feurig fur bie Rechte bes Blutes und des Erbes eingetreten, traf er die Entscheidung zu Gunften feines Entels. "Die Macht- 12. Annvergrößerung von Frankreich, bas firchliche, bas bynastische Interesse wirkten ausammen, um den Ronig au vermogen, daß er über die Berpflichtungen, die er gegen die Seemachte eingegangen, hinweg fab und fich ju ber Annahme bes Teftamente entfchloß." Bier Tage fpater erfolgte in Berfailles in einer feierlichen Borftellung vor bem gefammten Dof die Erflarung, daß Philipp von Anjou König von Spanien sei. Ludwig selbst behandelte seinen Entel bem neuen Range gemäß als einen Soheren; er gab ibm bei jedem öffentlichen Auftreten bie rechte Seite und den Bortritt vor dem Dauphin. Er war fichtlich gehoben durch die Bendung. Bis jur Ginschiffung, die nicht fogleich bewertstelligt werden tonnte, ertheilte Ludwig dem neuen Ronig Anweisungen und Ermahnungen über seinen Beruf, über bie Lebens. und Regierungsweise, die er gu befolgen, über bie Stellung, die er ju feinen Unterthanen und zu Frankreich einzunehmen habe. Und faßte man die Berfonlichkeit ins Auge, fo konnte man die Bahl nur billigen und loben. Bhilipp von Anjou war ein milber mabrheitliebender Fürft von unbescholtenen Sitten, freigebig und guverläffig, beffen gange Ratur das spanische Geprage trug, das von Mutter und Grofmutter auf ihn übergegangen mar. Selbst ber melancholische Bug und ber lentfame, mehr weibliche als mannliche Charafter, ber mit ben Sahren immer scharfer bervortrat, erinnerte an bie letten habsburger in Madrib. Als er am 23. Januar des folgenden Jahres 1701. bei Fuentarabia unter Kanonendonner ben spanischen Boben betrat und am 18. Februar in Buenretiro von bem Cardinal-Erzbischof Portocarrero, bem ehrwürdigen Greise mit weißem Baare, ber bem jugendlichen Monarchen als Mentor zur Seite fteben follte, feierlich empfangen ward, da fcbien es, als ob die große Frage ber Erbfolge ibre befriedigende Lösung gefunden batte. Spanien felbft hatte über feine Butunft beftimmt; Die Einheit und Integritat bes Reiches, welche die Ration als ihr beiligftes Pallabium betrachtete, war gerettet.

Und auch im Auslande schien man sich in die vollbrachte Thatsache finden Das Nuszu wollen. Kaiser Leopold allerdings war entschlossen, das ihm nach alten Hausberträgen wie nach der Berfügung Philipps IV. zuständige Recht auf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selbst mit Bassengewalt zu behaupten, und die so glücklich beendigten Türkenkriege hatten sein Selbstvertrauen und seine Autorität wesentlich gesteigert. Aber die österreichische Politik hatte in der Erbsolgefrage so viele Bandlungen gemacht, und die Langsamkeit und Bedächtigkeit des Biener Cabinets war so weltbekannt, daß die übrigen Mächte kein rechtes Bertrauen

faffen tonnten. Die Beigerung des taiferlichen Bofes, ben Theilungsvertragen beizutreten, hatte vollends ben alten Rriegsbund, ber ben Ruswider Frieben qu Stande gebracht, gelodert und aufgelöft. Auch Bilhelm III. mar geneigt, ber Bergrößerungssucht Lubwigs XIV., in beffen politischer Bandlung er einen Berrath ber Tractate erblickte, wie in früheren Jahren entgegenautreten; er fühlte fich perfonlich verlett, vor den Augen Europa's betrogen und verhöhnt, allein seine Machtstellung war beschräntt: in Solland, wo ber Großpenfionar Beinfius in seinem Sinne wirkte, hatten die Generalftaaten ein gewichtiges Bort mitzureden und in England, wo um diese Beit die Tories bei der Regierung und im Barlament die Oberhand befahen, schlug man die Interessen des Infelreiches bober an als die Rriegsplane bes Ronigs, trug man mehr Sorge fur ben commerciellen Subremat als für bas Bleichgewichtsspftem.

England feit bem Kriebe

Als der Dichter Prior die erfte Rachricht von dem Abschluß des Ryswider Frievon Riemid. dens nach England brachte, wurde die Ration von großer Freude erfüllt : jest erft war die protestantische Erbfolge gesichert; die Bhigs, von denen die Revolution ausgegangen, hofften nun die Fruchte ihrer patriotischen Beftrebungen zu ernten; an ihrer Spipe ftand ja die Raufmanns- und Finanzwelt, die gewerbfame Burgerfchaft ber Stadte, die einen neuen Aufschwung des Sandels und der Schiffahrt erwarteten; Die Tories, ju benen der grundbefigende Adel, die feldbauende Bevolkerung des Binnenlandes, die hochfirchliche Beiftlichkeit gehörten, gedachten nach fo vielen politifcen Sturmen in ein ruhiges Staatsleben einzulenten, ihre heimischen Angelegenheiten nach den alten Instituten und Gesehen des Landes zu beforgen; nur die Jacobiten nahmen in malcontenter Stimmung an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teinen Theil. Aber bald ftiegen Bollen auf, welche die Harmonie zwischen dem König und den nationalm Bewalten trubten. Bilhelm III., ber feit dem Frieden feinen Rang unter ben erften Botentaten Europas einnahm, fühlte fich berlett, daß bas Barlament fo targ in feinen Beldbewilligungen war, fo wenig Sinn für die politische Dachtftellung zeigte, die a ber britischen Ration erworben. Bir miffen aus fruberen Blattern, daß ber ernfte fcweigfame Dranier fich nie einer großen Liebe und hingebung bon Seiten ber Englander zu erfreuen hatte. Und als nun gar der Antrag im Barlament gestellt ward. daß man die stehende Armee auflofen folle, da nun nach hergestelltem Frieden teine Rriegsmacht zur Abwehr auswartiger Feinde mehr nothig fei, und fur die innem Sicherheit die Landmilig genuge, und als beide Barteien in der Mehrheit bem Antrage auftimmten, fühlte fic Bilhelm tief berlett. Bas der Ronig von Frantreich acht Jahr vergeblich zu erzielen gefucht, habe das haus zu Stande gebracht, fagte er mit fcneidender Ralte. Er erblidte in dem ftebenden Beer bas einzige Mittel, die mubfam errungene politische Machistellung zu behaupten, die Tories dagegen waren ber Anficht. England folle fich jeder Cinmifchung in die Angelegenheiten des Continents enthalten. und die Bhigs meinten, bas burch bie Revolution von 1688 gur Geltung gebrachte Der König Recht des Widerstandes sei mit einer stehenden Armee unbereinbar. Bahrend der

mentarifden Oranier feine Autorität für die Idee des europäifden Gleichgewichts einfeten wollte. Barteien. mar bas Augenmert bes Parlaments auf Befestigung ber popularen Freiheiten gerichtet Besonders galt der Angriff des Parlaments den fremden Truppen, den Hollandern. ben frangofifden Refugies, den irifden und ichottifden Freiwilligen, durch beren treue Sulfe Bilhelm einft fein Unternehmen burchgeführt hatte. Es ging bem Ronig febr nabe, die tapfern Ranner aus feinem Dienfte ju ftogen; aber alle Berfuche, Das

Parlament, in bem feit der neuen Bahl vom Jahre 1698 die Tories die Majorität besasen, nachgiebiger zu stimmen, schlugen fehl; die Reduction der Armee und die Organifirung ber alten Landmilig wurde befchloffen; Die Rriegsmacht follte unter 10,000 Mann herabgefest werden; nicht einmal die hollandische Garbe fand Gnade. So tief fühlte fich Bilhelm burch die Opposition getrantt, bag er mit bem Gedanten umging, die englische Ration fich felbft ju überlaffen und nach den Rieberlanden gurud. jutchren. Die Bhigs, die noch immer die meiften Stellen im Ministerium inne hatten, warm ber Segenpartei nicht gewachsen und icheuten fich, durch ichroffes Auftreten ibre Popularitat vollends einzubugen. Bald traten die Factionen wieder mit einer Leidenfcaftlichleit auf, bie an die Stuartichen Beiten erinnerte. Es gelang ben Bbigs, ben Minifter Sunderland, der ihnen noch von Alters her als schlimmer Rathgeber ber Arone und ale Renegat, "ber seinen Gott mit einem Stud Brot vertaufcht" verhaßt war, aus dem Ainte ju brangen ; bafür suchten die Tories die Birtfamteit des talentvollen Minifters Montague, den wir früher als Gonner Rewton's tennen gelernt, nach Rraften zu hemmen, als er eine Reorganisation ber oftindischen Compagnie in Borfclag brachte und zulest auch durchfeste, wonach die Gesellschaft gegen ein ansehnliches Darlehn an die Staatstaffe das ausschließliche Recht auf ben Sandel in Indien erhielt. Der Oranier gab fich alle Dube, die Gegenfage auszugleichen, indem er gemäßigte Ranner beider Barteien in feinen Rath berief mit der Abficht, monarchifche Gewalt und constitutionelle Freiheit in Ginklang zu bringen; aber er mußte erleben, daß haber und Parteiung bis in feine nachste Umgebung brang und daß der Rreis feiner Freunde und Bertrauten immer enger warb. Bilbelm Bentint, ben ber Ronig jum Lord Portland erhoben, mit Gutern ausgestattet, wie einen Bruder geliebt hatte, fühlte fich durch die vermeintliche Bevorzugung eines andern Gunftlings, Reppel-Albemarle fo berlett, bas er im Frubjahr 1699 aus bem Dienfte des Ronigs fcied und fich burch feine Bitten und Borftellungen des befreundeten Fürften gur Menderung feines Entschluffes bewegen ließ; der Admiral Ruffel, Lord Oxford, murde von den Lories so heftig angefeindet, daß er es fur gerathen fand, aus dem Amte zu scheiben; nur mubfam vermochten fich ber Lorbfangler Somers, ein wegen feiner Berebfamtett wie wegen feiner Rechtstenntniffe bielverdienter Mann, und fein Jugendfreund Lord Shretos. bury im Cabinet und in der Umgebung des Ronigs ju halten. Am heftigften entbrannte der Rampf zwifden der Krone und der Gefeggebung, als zu Anfang des neuen San. 1700. Sahrhunderts der Antrag im Parlamente eingebracht wurde, daß die eingezogenen Guter ber trifden Rebellen, welche ber Ronig nach altem Recht und Bertommen an feine Freunde und Anhänger, insbesondere an die bei der Unterwerfung thätig gewesenen -Offiziere vertheilt hatte, den dermaligen Befigern entzogen und jum Beften des Gemeinwefens, jur Erleichterung ber Rriegstoften verwendet werden follten. Bei ben Bergabungen diefer ausgedehnten Confiscationen waren viele dem Ronig nabe ftebende Berfonen, wie Bentint, Albemarle, Lady Billiers-Ortney, hofdame der verftorbenen Königin Maria, ber hugenotte Auvigny und mander tapfere Dranienmann bedacht worden. -Und nun follten diese Dotationen alle wieder rudgangig gemacht, die Belohnungen, die der Ronig feinen Baffengefährten und Setreuen verlieben, wieder eingezogen werben! Bahrend der Oranier befiffen war, die Brlander burch berfohnliche Mafregein zu beruhigen, damit die ftuart-frangofifche Partei teinen Boden für neue Agitationen fande, rief das hochitraliche Loudoner Parlament durch confessionellen Terrorismus wiederum Ungufriedenheit hervor, wecke aufs Reue die Antipathien der Mace und ber religiofen Gegenfage. Auch in Schottland gewann die Opposition neue Stark, als der Plan, auf der Landenge Darien eine ichottische Sandelscolonie als Bermittlungestation zwischen Often und Beften ju grunden, von der englischen Regierung

durchtreugt und vereitelt wurde. Man erblidte darin die Birtungen bollandischer und englischer Eifersucht. Bie ebebem ftanden allenthalben die extremen Tories und Bhigs. ju einer Rationalpartei bereinigt, der Prarogative der Rrone gegenüber. auf einem Buntt angetommen, wo es fast unmöglich fcbien, die Burde und Autorität der Arone mit der parlamentarischen Berfassung zu combiniren. Die Parteibäupter Die englische fühlten fich mächtiger als der Ronig." Dieses Berhaltnis trat noch flarer ju Tage, als frage. burch ben Tob bes gehnjährigen Bergogs bon Glocefter, auf dem bei der Rinder-3mit lofigteit Bilhelms III. und bem fruben hinfterben ber Rachtommenfchaft Anna's die Thronfolge in England ruhte, die Successionsfrage in Berathung tam. Satte es Unfangs den Anschein, als werde diese Frage zu einer Annaberung des Konigthums und ber Ration führen, indem die Anglicaner, Bhigs wie Tories auf der Fernhaltung der tatholifden Abtommlinge der Stuarts bestanden und mit Bilhelm und feiner Somagerin in der Behauptung des Zundamentalartitels des Settlement von 1688 übereinstimmten; fo waren schließlich die Bedingungen, unter denen das Parlament die Uebertragung ber 12. Bebr. Rrone nach dem Code Bilhelms und Anna's an die Kurfürstin Sophie bon Braunfcmeig-Luneburg und ihre Rachtommen befchloß, ein indiretter Protest gegen das bisherige Regiment, indem man dem Thronfolger die Pflicht auflegte, daß er dem anglicanifchen Glaubensbetenntnis angebore, bas Land nicht ohne Cinwilligung bes Barlaments verlaffe, teinen Cabinetsrath neben dem Staatsrath halte, turz nur in ganglicher Uebereinstimmung mit den hoben Saufern bandle.

> Die Commons ichloffen in bem Berfaffungeprogramm, auf bas ber tunftige Thronfolger verpflichtet werden follte, das perfonliche Regiment fo viel irgend möglich aus, heißt es bei Rante: "fie nahmen volltommener als je die Reprafentation der nationalen Gelbftandigfeit für das Barlament in Befig. Die Regierung follte aller fremden Clemente auf immer entledigt und an die altherkömmlichen Formen gebunden werden, fie follte keinerlei Ginfluß auf die Bufammenfehung bes Barlaments ausuben tonnen; von beffen Ermeffen follten bie neuen Beziehungen, in die man trete, abhangen: der Richterftand follte bem Parlament unterworfen, aber unabhangig von bem Ronig fein; die episcopaliftische Rirche ward als die nationale bezeichnet, welcher ber neue Fürft unbedingt angehören muffe; er follte fich ohne die Erlaubnis bes Parlaments felbft nicht aus bem Lande entfernen burfen. Bufammengenommen mit allem bem, mas bei bem Settlement und bann mahrend Bilhelms Regierung mit beffen Billen ober gegen benfelben angeordnet worden war, bilbeten biefe Resifegungen gleichsam die Bollendung ber parlamentarifden Conftitution, wie man fie im Sinne hatte. Es war bas Programm ber bamaligen Lories, welche die Majoritat im Parlamente bilbeten."

bu nbeten.

Ranig Lub- Bei folder Stimmung und Lage ber Dinge murde es bem frangofischen feine Ber- Ronig nicht schwer geworden sein, die Seemachte für die Erbfolge seines Entels ju gewinnen. Wie fehr immer ber Oranier über die treulose Politit Ludwigs gurnen mochte, weder das englische Parlament noch die bochmogenben Berren in Bolland hatten fich barum zu einem Rrieg fortreißen laffen. Es tonnte ihnen gang gleichgültig fein, ob ber Entel ber alteren ober ber Sohn ber jungeren Infantin in Butunft die spanische Rrone trage; ber eine wie ber andere tonnte feine Ansprüche sowohl auf bas spanische Staats- und Erbrecht als auf testamentarische Anordnungen ber letten Ronige grunden, bei dem einen wie bei bem anbern lagen Bergichtleiftungen bon fraglicher Gultigkeit bor. Ja man fühlte in London und im Saag mehr Bufriedenheit, daß fich die Sache auf Dieje

Beise entschieben, als wenn die Theilungsvertrage, welche Frankreich eine gegebietende Stellung im Mittelmeer geschaffen batten, gur Ausführung gekommen waren. 3m Barlament erfuhren die Theilungstractate, die ohne Mitwirfung ber Baufer abgeschloffen worden, beftige Angriffe; in Solland erkannte man ohne Bogern den neuen Ronig von Spanien an, in ber Boraussehung, bag er wie ber Borganger fich an die Rhewider Friedensartitel halten werde. Darin war auch die Bestimmung aufgenommen, daß zur Sicherung der Grenzen gegen Frantreich in mehrere Festungen, wie Luxemburg, Mons, Charleroi hollandische Besatungetruppen gelegt werden sollten. Aber bei bem frangofischen Machthaber regte fich ber alte Uebermuth: Die ehrgeizigen Blane fruberer Sahre, ber frangöfischen Monarchie eine weltbeberrichende Machtftellung zu erwerben, erwachten wieder mit aller Rraft. Die Erfolge, die feine Diplomatie nicht nur in Spanien, sondern auch an andern Orten errungen, bestärtten ihn in feinem Stolze und in dem Glauben, daß er Alles vermöge und Alles am besten wisse. Rurfürst Max Emanuel von Baiern, Generalgouverneur ber fpanischen Riederlande hatte aus Berftimmung über ben verwandten Raiferhof in Wien wieder in die alten Eraditionen ber Bittelsbacher Dynastie eingelenkt, hatte nicht nur fur fich felbft mit Ludwig XIV. ein Bundniß zu Schut und Trut geschlossen, traft beffen er die belgische Statthalterschaft auf Lebenszeit behalten und dereinst die Rheinpfalz wieder an sein Daus bringen follte, sondern er hatte auch seinen Bruder Joseph Clemens, ber bor gebn Sabren gegen ben Billen Frankreichs burch Raifer und Papft zum Erzbisthum Roln gelangt mar, bewogen, dieselbe Politik zu ergreifen und dem spanisch-frangofischen Bundnig beizutreten. Eben so hatte fich Bictor Amadeus II. von Savopen-Biemont bestimmen laffen, Die frühere Alliang mit bem Berfailler Bof zu erneuern und bamit die Ehre zu ertaufen, daß feine Tochter Luife Gabrielle gur Gemahlin Philipps, gur Königin bon Spanien erforen ward. Mit beutschen Fürftenhöfen bestanden noch manche Beziehungen, die wieder erneuert werden konnten, und die Parifer Diplomatie ließ es nicht an Thatigfeit fehlen. Ronnte boch ein hollandischer Botschafter feiner Regierung fdreiben : "Allenthalben drangt fich in Deutschland ber Teufel in Geftalt frangonider Anenten ein."

Als Tallard, der frangöfische Gefandte in London seinem Gebieter den grantreichs gunftigen Ausfall ber Parlamentemahlen und die friedfertige Stimmung bes Bolitit. Bolles meldete, fügte er die warnende Bemerkung bei, es moge nichts unternommen werden, mas die englische Ration aufreigen konnte. Aber in feiner Siegeszuversicht achtete Ludwig nicht auf die Mahnung. Je mehr man in Solland und England die Trennung ber beiden Reiche, die Selbständigkeit und Unabhängigkeit der fpanischen Monarchie als Grundbedingung der Buftimmung in den Bordergrund ruckte, defto schärfer gab Ludwig XIV. Die Absicht zu erfennen, die neue Gestaltung jum Bortheil Frankreichs zu verwerthen, ber Belt fund zu thun, daß fortan die Interessen und die Politit beider Kronen als iden-

tifc angesehen werden sollten. Raum batte Bhilipp von Anjou ben spanischen Boden betreten, fo verbreitete fich die alarmirende Rachricht, ber fpanifche Generalgonverneur, Rurfürft Dag Emanuel habe in Berbindung mit franzö-6. Bebr. fifden Gulfstruppen die bon ben Sollandern befetten Grennftadte überrumvelt und die niederlandischen Garnifonen jum Abzug genöthigt, auch in die Bafenftabte Oftende und Rieuport feien frangofische Eruppen eingerückt. Rach der Meinung Ludwigs batten die hollandischen Besatungemannschaften, Die beftimmt waren die spanischen Niederlande gegen triegerische Angriffe von Seiten Frankreichs zu schützen, jest nach der innigen Berbindung beiber Rationen teinen Bwed mehr. Mit biefem Gewaltftreich gab ber frangofische Ronig qu ettennen, bag er fich nicht langer an die Bestimmungen bon Ruswick gebunden erachte, daß er im Berein mit Spanien seine alte 3bee eines frangofischen Subremats in ber europäischen Staatenfamilie zu verwirklichen gedenke. Es blieb tein Gebeimniß, daß man in Berfailles mit bem Gebanten umgebe, Die fudamericanifden Bafen ben frangofifch-fpanifchen Banbelefchiffen allein offen gu halten, die Englander und Hollander babon auszuschließen, und mas bor Allem bei der britischen Nation boses Blut machte, man sprach gang offen davon, das Ludwig die englische Successionsordnung, die bas Barlament foeben festgestellt, nicht zu beachten gedente, daß er mit Gulfe ber Ratholiten und der Ronjurore bem Prinzen von Bales, seinem Schüpling die Krone zuzuwenden beabsichtige. Satte er boch ben Oranier nie formlich als Ronig anertaunt, fondern nur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Satob II. den fattischen Bustand bingenommen, nur fich verpflichtet, ben Feinden besfelben teine Unterftugung ju gemahren. Sollte er aber auch einem funftigen Thronfolger gegenüber diese paffibe Saltung beobachten, über bas Leben Bilbelins binaus ber Stuart'ichen Kamilie, Die ibm fo viele Beweise von Singebung und Bertrauen abgelegt, den Beiftand verfagen? Das ichien bem Ronig aus Grunden ber Bietat, ber Religion, ber Politit unmurbig ber frangofifchen Ration, unwurdig ihres machtigen Berrichers.

Umschlag ber Stims mung in England und Solland.

mung in Umschwung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herbei: Parlament und König tamen sich fondand. näher, die Sifersucht auf Frankreichs Sinsluß und Herrschgier erwachte wieder in der alten Stärke. Diese veränderte Stimmung trat sogleich nach Eröffnung 14. Kebr. des Parlaments zu Tage! das Unterhaus saßte den Beschluß, den König bei 1701. seinen politischen Zwecken zu unterstüßen und zu Regociationen mit der niederländischen Regierung zu ermächtigen, damit die gemeinschaftliche Sicherheit beider Staaten und zugleich der Kriede von Europa gewahrt werden möchte. Wie ganz

Diefe Benbung in ber außeren politischen Beltlage führte in England einen

anders tonnte jest Bilhelm auftreten! Als Graf d'Avaux, der frangofische Bot-April 1701. schafter im Saag über den Fortbestand des Friedens Unterhandlungen einleitete, wurde ihm erwiedert, daß vor Allem die frangofischen Garnisonen zuruckzezogen und die alten Handelsfreiheiten für die Butunft gesichert werden müßten.

Wilhelm III. nahm keinen Anstand, die neue Thronfolge in Spanien anzuer-

tennen, aber er knupfte zugleich Berbindungen mit bem taiferlichen Gof in Bien an. Bereits wurde in Ffugschriften auf die Gefahren hingewiefen, welche Religion, Freiheit und Sandel in England von der Herrichsucht Ludwigs XIV. ju befürchten batten, und auf die Nothwendigkeit, diefe Befahren mit den Baffen abguwenden. Man faßte bereits die Möglichkeit einer neuen frangöfischen Invafion ins Auge. Als bas torpftische Unterhaus immer noch an ber Friedensidee festhielt, wurden Abreffen im Lande und in der Hauptstadt veranstaltet, daß man ben Ronig in Stand fegen folle, feinen Berbunbeten Bulfe gu leiften. Die Bbigs gewannen immer mehr Boden, das Anfeben bes Rönigs ftieg mit den Antipathien gegen Frantreich. Als ber Berfailler Sof fich aufs Reue mit ber englischen Succeffionefrage beschäftigte und neben bem Bringen von Bales auch die Erbanspruche ber an Bictor Amadeus vermählten Pringeffin von Orleans aus bem Saufe Stuart begunftigte, erblidte man barin einen Bersuch Ludwigs XIV., auch England in die bynaftische Solidaritat zu ziehen. Als Gegenschlag erfolgte bie rafche Bestätigung ber hannoverischen Erbfolgeatte burch ben Ronig und die Juni 1701. beiden Baufer. — Richt minder eifrig in dem Biderftand gegen Frankreichs Bergrößerungssucht zeigte man fich in den Generalftaaten, wo Beinfius ganz im Sinne Des Drauiers handelte. Bergebens fuchte ber frangofifche Bevollmächtigte Bie Saager d'Abaug in den haager Conferengen die Seeftaaten zu trennen: er empfing die Antwort, die Intereffen beiber Rationen feien unauflöslich verbunden. In einer Dentschrift murbe bargethan, bag bie Berrichsucht Ludwigs zugleich bie Sicherheit von England und die Egifteng von Solland bedrobe; daß man die Alliang mit bem Raifer erneuern und bem Sause Defterreich ben Befit von Belgien und Mailand verschaffen muffe, bamit nicht burch die Bourbonsche Uebermacht bas europaische Gleichgewicht allausehr gefahrbet wurde. Bilhelm III. erlangte wieder eine Autorität wie ehebem: Auf beiben Seiten bes Meeres legte man vertrauensvoll die Entscheidung ber tommenden Dinge in feine Sand; um nicht von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überflügelt zu werden, wetteiferten alle Parteien in Ergebenheit und Lopalitat. Die Manner bes Friedens verloren mehr und mehr den Boden unter den Fugen. Im Saag wurde dem frangofischen Botichafter fund gegeben, bag man Defterreich ju ben Conferengen beigiehen und ihm durch Ueberlaffung der beiben Provingen eine "Satisfaction" bieten muffe. Bare aber dadurch nicht die Rechtsgültigfeit des Teftaments in Frage geftellt worden? Die Erhaltung ber Einheit und Integrität der Monarchie mar ja die Fundamental. bedingung und das Hauptmotiv der lettwilligen Verfügung Rarls II. 11. August wurde b'Avang abberufen. Um Diefelbe Beit überbrachte eine glangende Gefandtichaft, an ihrer Spipe Lord Macelesfield, beffen Bater einft ber Bohmentonigin Elifabeth nabe geftanden, bas Document bes englischen Thronfolgegefeges ber Aurfürftin Sophie nach Sannover.

Bir find diefer geiftreichen Frau, der Gönnerin bon Leibnig ichon mehrmals Aurfürftin begegnet. Als fie bem braunichweigeluneburgifchen Fürften Ernft August auf dem

# G. Das achtzehnte Jahrh. in ben vier erften Jahrzehnten.

Schloffe zu Beibelberg die Sand zum Chebund reichte, war fie in fehr bescheibene Berhaltniffe eingetreten; ihr Bemahl war nur Abministrator bes Bisthums Osnabrud. Aber das Glud begunftigte ibn. Er erlangte nach bem Ableben feiner altern Bruber bas herzogliche Gefammigebiet und erwarb im Jahre 1692 von bem Raifer ben Rang 15. Mug. eines Rurfürften. Als die Gefandtichaft der hochbejahrten Dame die Urtunde überreichte, wodurch ihr und ihren Rachtominen die Anwartschaft auf den englischen Thron augefichert mar, bemerkten die Anwesenden mit Bewunderung wie lebenskraftig und geistesfrisch fle noch immer auftrat. "Auf ihren gelehrten Freund Leibnig machte die allgemeine Berflechtung ber Berhaltniffe Gindrud. Doge nur bor Allem, fagte er, auch im beutichen Reiche bas Erforderliche geschehen, um bie übergreifende Macht ju jugeln, welche ber gangen Belt Gefete borfdreiben will."

Borgange am Stuart:

Noch immer schien die Erhaltung des Friedens möglich: Roch vertweilte for Bofe ber englische Gesandte, Lord Manchester in Paris; noch bestritt man nicht main die Bourbonsche Thronfolge; noch bestand tein Bundnig mit dem Raiser. Es lag noch immer in ber Band bes frangofischen Monarchen, seinem Entel bie spanische Rrone ju fichern : er durfte nur den Bollandern und Englandern beruhigende Bufagen in Betreff bes fudamericanischen Sandels und ber Unab. bangigkeit Spaniens geben. Daß ber Raifer ben Rrieg bereits auf eigene Band begonnen und öfterreichische Truppen über die Alpen gefandt, war für die Seemachte nicht maggebend, der Rriegsbund mar ja noch nicht abgefchloffen. trat ein Ereigniß ein, welches die englische Nation im tiefften Bergen berührte, ber Tob Jacobs II. Stuart und die Anerkennung feines Sohnes burch Ludwig XIV.

> Bahrend Bilhelm III. mitten in der Beltbewegung ftand, hatte fein Schwiegervater und Borganger Jacob II. oft die fcmeigfamen, in ftrengfter Abgefchloffenbeit dahinlebenden Mönche von La Trappe in ihrem Aloster besucht und in dem Umgange mit ben ascetischen Ordensleuten fich von der Richtigkeit aller irdischen Dinge überzeugt. Gin Schlaganfall, von dem er icon im Marz in der Rapelle von St. Germain betroffen ward, ließ fein nabes Ende erwarten. Man berieth in Berfailles, wie man fich im Falle seines Ablebens verhalten folle. Die Borfichtigen riethen, man folle teinen Entichluß faffen fo lange Bilbelm III., deffen Leben bei feiner gerrutteten Gefundheit nicht mehr lange dauern tonne, noch auf bem Throne fige. Allein die Bortampfer der Legitimitat, an ihrer Spipe der Dauphin, waren der Meinung, die Chre Frankreichs und des Ronigs verlange, daß man nach bem Lobe Jacobs II. ben Rang und bie Rechte auf den Sohn übertrage. Und so geschah es auch. Dem sterbenden Stuart verkundigte Ludwig XIV. felbft mit innerer Bewegung, daß in St. Germain Alles in bem bisherigen Buftande verbleiben und der Pring von Bales die Stelle des Baters

17. (6) Sept. einnehmen folle. Am folgenden Tage ging Jacob II. Stuart aus dem Leben und ein Manifest verfundete der Belt, daß Jacob III. ber rechtmäßige Ronig von England, Schottland und Irland sei. Alle Parlamentsbeschluffe in Beziehung auf die englische Thronfolge wurden fomit für nichtig erklart.

Rriegeluft in England. Run brauchte ber Dranier nicht mehr zum Rrieg zu spornen: Die gange Ration, mit Ausnahme ber Jacobiten, fließ einen Schrei ber Entruftung aus, daß der Machthaber in Berfailles fich in die inneren Angelegenheiten des Infelstaats einmische. Bie in Madrid einen Enkel so wolle er in London einen Clientelfürsten auf den Thron erheben, damit beibe Ronigreiche im Intereffe Frantreichs regiert wurden. Schon waren die Berhandlungen mit ben Generalftaaten und bem Raifer so weit gebieben, daß die "große Alliang" zwischen ben ?. Sept. drei Machten zu Schut und Trut im Saag abgeschloffen werden konnte, ein Ereigniß von größter Tragweite für das Staats, und Bejellschaftsleben Europa's im achtgehnten Sahrhundert. Da bas torpftische Unterhaus nicht feurig genug in bie Rriegsposaune fließ, fo ergingen Abreffen an ben Ronig : "wenn er babei beharre, bas Land vor Bapftibum und Sclaverei zu retten, fo wolle man ibm Leute in bas Parlament ichiden, bie ibm jur Seite ju fteben entichloffen maren." Und Bilhelm tam biefer Stimmung entgegen: mit Billigung ber Mehrheit bes Geheimen Rathes sprach er bie Auflosung aus. Am Ende bes Jahres tonnte er eine Bersammlung eröffnen, die mit ihm Sand in Sand zu geben bereit mar. Die gange taufmannische Welt, welche fich in ihren commerciellen Intereffen bedrobt glaubte, war beniuht gewesen, die Bahlen im nationalen Sinne zu leuten. Die beiden oftindischen Compagnien hatten angesichts ber großen Gefahren ihren Frieden gemacht. In feiner erften Sigung faßte bas neue Parlament ben Be- 3an. 1702 folng, ber junge Bring habe fich burch die Annahme bes Titels eines Ronigs bon England bes Bochverraths ichuldig gemacht, und bebrobte mit ichweren Strafbestimmungen jebe Berbindung mit ihm, jede Anertennung ober Bertheibigung bes angemaßten Rechtes in Schrift ober Rebe. Bugleich beschloß bas Saus Rriegemannschaft für Flotte und Landheer auszuruften, fremde Eruppen in englischen Dienft zu nehmen und ben Ronig in Stand zu feten, alle burch seine Allianzen mit ben Continentalftaaten ihm obliegenden Berpflichtungen au erfüllen.

Bie vor dreizehn Jahren lagen die Geschide bes britischen Reiches und Bith. 111. eines großen Theils von Europa wieder in der Sand des Draniers. Mehr als je feierte man ihn in England als "Boltstonig", als ben Bieberherfteller bes alten Rechts, fraft beffen ber Bille ber Ration, in feinen legalen Organen ausgesprochen bas oberfte Staatsgeset fei; auf bem Festlande erblickte man in ihm ben Retter gegen frangofische Bergewaltigung. Da schnitt bas Schickfal feinen Lebensfaben entzwei. Gine Berletung am Arme in Folge eines Pferbefturges auf ber Jagd zog ihm ein Fieber zu, bas ihn im zweiunbfunfzigften Jahre ins Grab fturate. "Satte man biefen Beift in einen gefunden Rorper verpflangen 8. Mars tonnen zum Beil ber allgemeinen Sache"! rief Sophie Charlotte von Preußen bei ber Tobesnachricht aus. Es war bas richtigste Urtheil über ben Mann. Bon franthafter Unlage, hager und blag, bat er boch burch die Rraft feines Beiftes und Billens alle Schwierigkeiten überwunden. Dowohl die Englander ju bem wortfargen, ernften, nur ben Staate- und Rriegegeschäften lebenben beutsch-hollanbischen Fürsten nie Liebe und Sympathie empfanden, so maren fie ibm boch zum bochften Dant verpflichtet. Er bor Allen bat ben parlamentarifchen Rechts- und Berfaffungoftaat des Infelreiches begrundet. Seine welthiftorische

Miffion war, burgerliche Freiheit und religiofe Tolerang gegen ben frangofifchen Absolutismus und tatholischen Glaubenszwang zu vertheibigen. Stellung und Aufgabe bat ber calbinifche Fürft bie Brabeftination feines Schidfals zu erkennen geglaubt. "Sein Leben macht ben Einbrud einer Seefahrt, bie awischen gefährlichen Rlippen nicht selten unter beftigen Sturmen babinführt, in welchen ber geschickte Bilot jebe Benbung ber Elemente benuten muß."

boroughs.

Rach dem Tod des kinderlosen Fürsten bestieg traft der im 3. 1688 fest-Die Marl- gefetten Erbfolgeordnung feine Schmägerin Anna Stuart (geb. 6. Rebr. 1665) ben englischen Thron, eine Frau von bauslichen Tugenden aber geringen Beifelgaben, ber anglicanischen Rirche eifrig ergeben, nicht ohne Anmuth und Liebenswürdigkeit im Umgang, boch bor ber Beit gealtert, langfam in Auffaffung und Urtheil, unwillig zu angestrengter Arbeit und bei aller Unfelbftanbigfeit fioli auf ihre fürstliche Stellung. Die ersten Schritte ber neuen Ronigin, in ber noch ber Stuartiche Beift fortlebte, wedten in ben Reihen ber Bhige bie Beforgnis, Die Politit Bilbelms möchte wieder aufgegeben werden. Den größten Ginfluf im Cabinet erlangte ihr Obeim, der bochmuthige und rantefüchtige Graf bon Rochefter, und die meiften übrigen Rathe waren entweder entschiedene Tories und Sochfirchenmanner ober doch ben altenglischen Anschauungen augethan. Selbst ber Lordschapmeister Godolphin, ein wortfarger arbeitfamer Staats, und Minangmann, ber im Ministerrath Bilbelme hobes Anseben genoffen, fand mehr auf Seiten der Tories. Wenn beffen ungeachtet die große Allianz aufrecht erhalten ward, der bereits in der Borbereitung begriffene Rrieg gur Durchführung tam, fo war dies hauptfachlich bas Bert Marlboroughs und feiner Gemablin. Bir wiffen, wie fehr die Tochter Jacobs II. von Jugend auf mit Sarah Jennings, die John Churchill, ber iconfte Mann in England, ber gewandtefte Soffing ju feiner Gattin erforen und ihr durch bas gange Leben in feltener Singebung 34 gethan blieb, burch die Bande der Liebe und der Seelenspmpathie verknupft mar. "Chen fo geistesgegenwärtig wie willensstart wandelte die Lady auf dem schlüpfriger Boden ber hofintrique mit leichtem und gewissem fing einher." Gerade burch ben Gegensat ihrer Charaftere berrichte fie über die unfelbständige Ratur der Rönigin. 3m vertraulichen Bertehr verschwand jeder Unterfchied Des Ranges; fie lebten und liebten einander wie Schwestern. Durch den Ginfluß diefer Dame, bie ben whigiftischen und niederfirchlichen Anfichten mit Entschiedenheit zugethan war, geschah es, bag bie Leitung bes Rriegs- und Staatslebens auf ein Jahr zehnt gang in die Sande des hochbegabten Mannes tam, beffen gute und fclimm Eigenschaften wir früher kennen gelernt (S. 510). Er war schon von Bilbelm jum Oberfeldheren ausersehen worden und befaß eine folche Gewandtheit in Be handlung der Menfchen, daß trot bes lebergewichts der torpftischen Clement in dem Ministerium doch mahrend seiner Abwesenheit im Barlament und bei der Regierung Alles in feinem Sinne bor fich ging.

## 2. Die drei erften Kriegsjahre.

Als König Bilhelm III. aus ber Belt ging, hatte ber Rrieg zwischen ben Die trieg-Baufern Babsburg und Bourbon bereits begonnen. Denn eben fo rafch wie ber Machte. Statthalter ber fpanischen Riederlande burch frangofische Sulfetruppen in Stand gesett war, die Restungsbarrière von den hollandischen Garnisonen zu befreien und die Berbindung mit Frantreich herzustellen, war ber Bergog Bictor Amadeus an ber Spipe eines favohifch-frangofifden Beeres gegen Mailand gezogen, wo der Gouverneur, Bring von Baudemont die befreundete Armee bereitwillig aufnahm. Scheinbar gezwungen raumte barauf auch ber Bergog bon Mantua feine Sauptftadt und feine Befigungen den Frangofen ein. Raifer Leopold aber war Apr. 1701. entfcoloffen, die Rechte ber Dynaftie zu vertheibigen und feinem zweiten Sohne Rarl bie fpanifche Monarchie zu erkampfen. Dabei tam es ihm benn febr gu ftatten, daß er durch den Carlowiger Frieden in die Lage gefet mar, die Streitmacht, die bisher in Ungarn beschäftigt gewesen, anderweitig zu verwenden. Und wie fehr die Truppen durch die fiegreichen Schlachten und die treffliche Führung an Rraft und Gelbstvertrauen gewonnen hatten, follte balb zu Tage treten. Auch war Desterreich nicht ohne Bundesgenoffen. Benn ichon ber Abfall des baierifchen Rurfürften Dag Emanuel und des Rolner Erzbischofs ber taiferlichen Beerführung mancherlei Schwierigkeiten bereiten mochte, fo bielten bagegen die meiften übrigen Reichsfürsten, voran der Bergog von Burtemberg und ber Martaraf von Baben an Sabeburg fest ober murben wie Gotha und Braunfdweig-Bolfenbüttel gezwungen, die für Frankreich geworbenen Eruppen gurnatubalten ober mit bem Reichsbeer gu verbinden. Befonders mar es ein großer Bortheil fur ben Raifer, daß er den Aurfürsten von Brandenburg für fich gewann, indem er einwilligte, bag berfelbe fein fouveranes Bergogthum Breußen in ein Ronigreich bermanbelte. Dafür verpflichtete fich Friedrich burch einen Bertrag in Wien, mit seinen Truppen den Raiser zur Behauptung ber Suc- 16. Rov. ceffionerechte feines Saufes auf die fpanische Monarchie ju unterftugen. Auch Georg Ludwig von Sannover fühlte fich durch die erneuerte Nebertragung bes turfürftlichen Ranges auf fein Saus nach dem Tobe feines Baters Ernft Auguft (+ 1698) bem Raifer ju Dant und zur Gulfeleiftung verpflichtet. Bei allem bem ware die Durchführung des Rriegs gegen das von Spanien unterftutte Frankreich fcwer gefallen, hatte nicht, wie wir wiffen, Wilhelm von Dranien noch turg por feinem Tob die große Alliang ju Stande gebracht, worin fich die beiben Seemachte zur Rriegshülfe verpflichteten, um bem Sabsburger Bratendenten wo nicht die ganze spanische Monarchie so doch Mailand und Unteritalien zu berfchaffen. Die Anftalten ber frangöfischen Raufmannswelt, die politische Lage für ihre mercantilen und maritimen Intereffen in ber neuen Belt auszubeuten, mußten die Beforgniß Sollands und Englands erregen. In ben Banben eines Sabsburgers, bem fein machtiger Seeftaat rathend ober befehlend gur Seite

194 G. Das achtzehnte Jahrh. in ben vier ersten Sahrzehnten.

ftand, blieb Spanien nebst feinen Colonien in der bisherigen Abhangigkeit von den großen Handelsmachten.

Bie hatten fich die Beiten geandert! Einft hatten Richelieu und Magarin im Bunde mit bem protestantifden Curopa Die Sabsburger Borberricaft befampft und den Grund ju Frankreichs politischem Uebergewicht gelegt, und nun wollte Ludwig das Bert fronen, indem er an der Spipe der tatholifchen Belt gegen daffelbe Sabsburg ju Relde jog, dem nun die protestantischen Machte beiftanden! Er hatte die romanischtatholifche Bevolkerung der pprenaifchen Salbinfel, fowohl Spanier als Bortugiefen und die Albenlander Savoyen-Biemont für fich gewonnen; er hatte die zwei tatholifden Rurfürften bon Baiern und Roln auf feine Seite gebracht; er hoffte mit Sulfe ber Ratholiten und Jacobiten ben vierzehnjährigen Stuart, ben er als Ronig von England in seinem Reiche hatte ausrufen laffen, die katholische Dynastie auf ben britischen Thron jurudjuführen; ber protestantifden Bandelswelt follten die Bafen und Martie Sudamerica's und Beftindiens verfchloffen werden. Der neue Bapft Clemens XI. hatte fich zu Gunften des, frangöfischen Thronbewerbers ausgesprochen und forderte nach Rraften die Bourbonichen Intereffen. Diefer vereinten Macht trat Desterreich mit proteftantifden Berbundeten entgegen: mit Solland und England, mit Breugen und Sannover. Standinavien und Folen blieben diesmal ferne, weil ihre Rrafte burch den gleichzeitigen nordischen Rrieg gebunden maren. Rur vorübergebend unterftusten Danen die taiferlichen Beere in Deutschland.

Lage unb Führer.

Die Dinge lagen außerlich betrachtet gunftig fur Frankreich: Die meiften Lanber bes meftlichen Europa folgten ber Parole, Die von Berfailles ausging; mit ben Schweizer Cantonen waren die alten Bertrage erneuert worben, fraft beren manche Regimenter helvetischen Fugvolte unter die frangofische Fahme traten; von Breft, Toulon und Marfeille liefen gutbemannte Kriegsschiffe aus; Mailand, Mirandola, Mantua maren bereits in frangofischen Sanden; bis an bas Gebiet von Benedig ftand frangofisches Ariegsvolf. Ludwig XIV. hatte alle Urfache an neue Siege ju glauben! Aber in feiner Berechnung überfab er bie großen Beranderungen, die in dem letten Sabrzehnt eingetreten maren. Denn mahrend in Frankreich die erprobten Feldherrn und Staatsmanner von ehebem gestorben ober gurudgetreten maren und nur Leute ber Bofgunft, bie durch knechtische Unterwürfigkeit und Devotion fich dem König und der Frau von Maintenon angenehm machten, die boben Aemter und Militarstellen erlangten: ftanden im andern Lager Manner an der Spite der Beere, Die, wie Bring Eugen und Marlborough, mit souveraner Bollmacht vorgeben konnten oder wie Anton Beinfius, ein schlichter einfacher Mann von unermublicher Arbeitstraft und großem ftaatsmannischen Berftand, im Sinne und mit dem Geschid Bilbeline III. bie öffentlichen Angelegenheiten beforgten. Der Tod des Erbstatthalters bracht auch in ben Generalstaaten die republicanischen Ideen in Aufschwung, da Johann Bilhelm Friso, den der Berftorbene zu seinem Rachfolger in der Statthalterfcaft empfohlen, ben bochmogenden Berren ju jung vortam, fo bag ber Großpenfionarius die höchste Gewalt in Sanden hatte. Die Seele der militarischen Unternehmungen war Bring Eugen. Bir haben ben genialen Feldherrn icon

früher tennen gelernt. Aus einer bem favopischen Fürstenhause verwandten in Frankreich feghaften Familie entsproffen, verließ ber Gohn ber Olympia Maneini, ber Richte Mazarins (S. 88) bas Land feiner Geburt, wo bem nach Rriegeruhm ftrebenden, aber für ben geiftlichen Stand bestimmten Jungling von fleiner unicheinbarer Geftalt feine Laufbahn offen ftand, um unter Babeburgs Fahnen bem Drang feiner triegerischen Ratur ju folgen. Seinem Felbherrntalent war es in erster Linie auguschreiben, daß die Türkenkriege fich so fehr au Sunften Desterreichs entschieden (S. 461 f.), und welchen Aufschwung bas faiferliche Rriegswesen unter feiner Leitung gewonnen, zeigte fich gleich im Anfange bes gegenwärtigen Rrieges. Die Frangofen hatten alle nach Italien führenden Der Rrieg Albenpaffe befest; aber dem umfichtigen Belbherrn gelang es, mit Gulfe ber 1701. 1702. ergebenen Gebirgebewohner, welche Bugochfen berbeischafften, auf unwegsamen Bfaden mit unfäglicher Mube die Goben ju überfteigen. "Bo feit Menfchengebenken tein Rarren burchgebracht worben, passirte ein großes Rriegsheer mit seinem Geschut und Bepad." Ungarische Reiterei burchstreifte wieber bie italienische Chene. Diefelbe Meisterhaftigkeit bewies Eugen auf bem gangen Feldzug. Ohne eine Schlacht zu liefern, drangte er den madern, aber am Hofe wenig beliebten Belbherrn Catinat, ben "Cato einer fclavifchen Beit" bis nach Mailand zurud, gewann Mirandola und Modena und nahm Catinats Nachfolger den Marfchall Biller ot, einen Mann von perfonlicher Tapferteit, aber ohne militarische Einsicht, in Eremona gefangen. Dadurch gewann Defterreich bas Bebr. 1702. Bertrauen ber übrigen Machte. Run beeilte man fich in Paris, neue Berftarfungen über die Alpen ju schiden und an Stelle bes gefangenen Billeroi ben tüchtigften General ber Beit Bendome jum Oberfelbheren ju ernennen. Bendome war der Sohn jenes aus bem Rrieg ber Fronde befannten Mercoeur, ber Urentel Beinrichs IV. und Gabrielles. "Er geborte ber alteren Schule von Mannern an, wie ber Marschall von Lugemburg, die ben Genuß, ja bas Lafter liebten und jede Ausschweifung fur erlaubt hielten, wenn fie babei nur jugleich glangende Thaten berrichteten." Dem neuen Felbheren gelang es, bie Fortschritte ber Raiserlichen zu bemmen. Auch Ronig Philipp V. fand fich auf turze Beit bei bem Beere ein. Mantua, ju beffen Belagerung fich Gugen angeschickt, wurde gerettet, in einen Busammentreffen bei Luggara eine Menge Ranonen und Fahnen erbeutet, Guaftalla befest, der Ruf der frangofifchen Baffen aufrecht aug. 1702. erbalten.

Mittlerweile hatte auch der Rrieg am Ober- und Riederrhein begonnen. Die gelbzüge Endwig von Baben, der erprobte Feldherr aus den Turtentriegen, bom Raifer in ben Rie jum Oberbefehlshaber der Reichstruppen ernannt, leitete die Rriegsoperation 1702. 1703. im fübweftlichen Deutschland und suchte die Berbindung ber Frangofen mit ben Baiern zu verhindern. Begen ben abgefallenen Rurfürften von Roln murbe eine Reichserecution verhangt und feine Festung Raiferewerth von brandenburgifchem und pfalgifchem Rriegevolt, bem fich hollandifche Sulfetruppen angefchloffen, nach

3uni 1702. hartnädigem Biderstand eingenommen. Belb barauf erschien ber Bergog bon Marlborough mit einer Armee bon 60,000 Mann in ben Rieberlanden. Als der große Reldherr mit unbeschränkter Gewalt nach der Maas und dem Rieberrhein borrudte, tam ein frifcher Geift über bie Berbundeten. gezeichnet als Staatsmann und Diplomat wie als Beerführer und gewandt wie wenige in den feinen Runften des Hofes erlangte der Lord balb ein Ansehen bei der niederlandisch-deutschen und englischen Armee wie Pring Eugen bei ben Raiferlichen. Der frangofische General Boufflers, ein Gunftling bes Berfailler Sofes ohne bervorragende militarifde Begabung, befdrantte fich auf die Bertheibigung der flandrisch-brabantischen Provinzen und ließ seinem Gegner freie Juli 1702 hand an der Maas. Marlborough brachte in Rurgem Benloo, Roermonde, Lüttich in feine Gewalt und machte, nachdem er fich mit den Preußen und ben übrigen Berbunbeten vereinigt, folde Fortidritte, daß in Rurzem die wichtigsten Reftungen und Stadte, wie Belbern, Rheinberg, Limburg und Bonn in ben Befit ber Allirten tamen und die Frangofen bas gange Rurfürstenthum raumen mußten. Joseph Clemens felbft fab fich genothigt, als ber Reichshofrath ibn für einen Berrather erffarte und die Berwaltung bes Landes bem Domcapitel übertrug, ben abziehenden Beschützern zu folgen und seinen Aufenthalt in Frankreich ju nehmen. Der geiftliche Fürst hatte fich selbst gerühmt, bag er mit Gulfe ber Franzosen gegen die Einwohner bes Bergschen Landes, weil fie den Pfalgern bor Raiferswerth Borfdub geleiftet, fo gehauft habe, "daß fich auf zwanzig Meilen fein Bauer mehr habe feben laffen". Runmehr erlangten die Berbundeten am gangen Riederrhein die Oberhand, fo fehr auch die treffliche Ginrichtung bet frangofischen Beerwefens, die Rriegstunft ber geübten Truppen und die Ginbeit und Planmäßigkeit ber Bewegungen gegenüber ber vielgegliederten Rriegsmacht ber Reinde fich noch immer geltend machte und Bewunderung erregte.

Branzosen Und betrachtet man die Lage der Dinge auf dem weiten Kriegsschauplas bund Berbundere im Sahr 1703, so wird man diese Bewunderung gerechtsertigt sinden. Während in Languedoc der Bürgerkrieg gegen die "Camisarden", der uns aus früheren Blättern bekannt ift, seine gräuelvollste Gestalt erreicht hatte und nicht nur die Miliz der Provinz, sondern auch regelmäßiges Militär unter dem Marschall de la Baume Montrevel in Anspruch nahm, waren die Franzosen start genug, die spanischen Niederlande durch ausgedehnte Linien zu beschüßen; vermochte Det. 1702. Villars, nachdem er Kehl besetzt und sich in dem glücklichen Tressen bei Friedlingen den Marschallstab verdient, den Markgrasen Ludwig von Baden aus seinen Stellungen zu drängen und sich den Weg nach Schwaben zur Verbindung

seinen Stellungen zu drängen und sich den Weg nach Schwaben zur Berbindung mit dem Aurfürsten von Baiern zu öffnen, der sich der Festung Ulm bemächtigt hatte. Der Reichsfeldherr, der von dem unfähigen nnd unbotmäßigen kaiser-lichen General Styrum in allen Unternehmungen gehemmt, von den Reichsständen mangelhaft unterstüßt ward, dessen Truppen hungerten und in Lumpen

gingen, war nicht im Stande mit feiner Armee, die durch maffenhafte Defertionen fich täglich verminderte, die Bereinigung der Franzofen und Baiern zu hindern.

Billars machte feinem Bundesgenoffen ben Borfchlag, einen Bandftreich Der Bollegegen Bien auszuführen und der in Ungarn fich vorbereitenden Infurrection Bieol. Rachbruck zu verleihen. Dem Aurfürsten fagte jedoch ber Borschlag nicht zu; er hegte andere Plane. Er glaubte Anspruche auf Tirol zu haben, bas man einft mit Unrecht feinem Saufe entriffen habe. Auf Die Erwerbung biefes Alpentandes war fein Ginn gerichtet; mit Frankreichs Bulfe wollte er die gefürstete Grafichaft erobern und mit ben Aurlanden vereinigen; das hatte man ihm in Paris vertragsmäßig zugefagt. So brach er benn an ber Spipe eines Heeres von Juni 1708. 12,000 Mann Baiern und Frangofen nach dem Guden auf. Dant ber forglofen Sandesregierung, die alle Anftalten zur Bertheibigung verabfaumt hatte, tonnte er fich ohne nambaften Biberftand ber Feftung Rufftein bemächtigen und in Sall und Insbruck einziehen. Er versprach den Tirolern ein gerechtes und milbes Regiment und traf sofort Anstalten, fich des Landes burch Besegung ber Baffe und festen Orte zu verfichern. Babrend Billars die obere und mittlere Donau beherrschte, follte Bendome von Stalien aus nach bem Brenner vorruden und bem Aurfurften bei ber Eroberung des Berglandes behülflich fein. Die Liroler waren mit ber öfterreichischen Berrichaft feineswegs aufrieden; aber ihre Mibstimmung galt hauptfachlich ben Beamten, nicht bem Sause Desterreich, für das sie stets treue Hingebung begten. Sie schrieben vielmehr die Schuld der raschen Occupation bem Berrathe ber Amtleute au, und ihr haß richtete fich gegen diefe und gegen bie außern Feinde. Die Rriegsrequifitionen bes Aurfürften goffen Del in die Flamme. Es erinnert an die wildesten Scenen bes beutschen Bauernkrieges, bemertt Ranke, wie auf den Grund eines falichen Geruchtes der Oberstwachtmeister im Burggrafenamte, Sobenhaufer, von ben Bauern erschoffen, an anderer Stelle ein Bfleger eines unbesonnenen Bortes wegen erschlagen ward. Ju Rurgem erhob fich in gang Tirol ein Boltsaufftand. Erfüllt von ber hinneigung ju Defterreich wie bon angestammtem Rachbarhaß gegen Baiern, richteten die streitbaren Sohne bes Alpenlandes meift unter felbstgemablten Schugenhauptern bon ben wohlbekannten Berghöhen und aus ben unzugänglichen Thalschluchten ihre Buchsen negen die Reinde und hinderten fie durch einen wohlgeleiteten Schaarenfrieg am Borruden. Die Ratur bes Landes mar ihr ftarter Bundesgenoffe. Steine und Releftude rollten von ben Unhohen auf die Borübergiehenden; Bruden und Stege über bie Bergftrome murben eingeriffen; Berichangungen ichloffen die Baffe des Brenner, hinter welchen die Scharficugen ein morderifches Feuer eröffneten; Maffen von Bermunbeten wurden gurudgebracht. Der Gedanke, fich mit dem vom Gardafee aus herangiehenden Bendome zu vereinigen, nufte aufgegeben werben. Rach großen Berlusten raumte Mag Emanuel bas Bergland, und auch Bendome schickte fich nach einem vergeblichen Angriff auf das tapfer vertheidigte Erient jum Rudzug nach Italien an, sich durch

798 G. Das achtzehnte Jahrh. in ben vier ersten Jahrzehnten.

grauliche Bermuftung bes Etschthales für ben Biberftand und bie getauschten Soffnungen rachend.

Die Bors Bahrend die Tiroler fur das Sabsburger Berricherhaus fo thatfraftig eintraten, gange in Bugern, tam in den Donaulandern eine Bewegung von entgegengeseter Ratur jum Ausbruch. Die Biener Regierung gedachte die Siege über die Turten gur Germanifirung der Offlander und gur engeren Berbindung Ungarns und Siebenburgens mit Deutschöfterreich auszunugen. "Dem Borruden der deutschen Baffen follte nun endlich auch die deutsche Colonisation durch deutsch redende und in deutschem Berwaltungsdienst geschulte Beamte auf dem guße folgen. Deutsches Befen follte bas berrichende und die deutsche Sauptstadt Bien der wirkliche Mittelpunkt des Reichs werden." Aber diese Einheitsbestrebungen hatten neue Bergewaltigungen gur Folge. Schon bor Beendigung der Turkenkriege mar Ungarn für ein Drittheil ber gefammten Rriegsauflage berangezogen worben, ohne daß man die berfaffungsmäßige Bertretung des ungarifden Ronigreichs befragt ober ber altverbrieften Steuerfreiheit bes magparifchen Abels geachtet batte. Rach bem Carlowiczer Frieden wollte man die errungenen Erfolge durch gefammtftaatliche Reformen fronen. Bu bem Ende berief bas Ministerium einen Conbent von Bralaten, Großadeligen und Machtboten der Gespanschaften nach Bien und legte der Bersammlung einen Reformplan bor, traft deffen die beutsch-öfterreichische Berfaffung, Bermaltung und Rechtspflege auch in Ungarn und Siebenburgen gur Geltung gebracht, die Aronlande jenseit der Leitha gang so eingerichtet werden sollten wie eine deutsche Proving, "bamit das Land durch Steuern und Abgaben beffer ausgenutt und ohne die periodifche Bewilligung ber Stande eine ewige Contribution eingeführt werben tonnte". Die Machtstreiche ber fiebengiger und achtziger Jahre, die wir fruber tennen gelernt, follten in anderer Beftalt wiederholt, die Ginverleibung Ungarns und Siebenburgens vervollständigt, die Selbständigkeit des Magharenreiches und mit berfelben das augsburgifche und helvetifche Glaubensbetenntnis ausgelofcht werden. Die Germanifirung ber Oftlander, die in fruberen Jahren, als die Boltselemente noch weicher und weniger widerftandefabig waren, berabfaunt worden, follte jest auf den Trummern ber altnationalen Freiheit und Selbständigkeit, auf dem verodeten Boden religiofer Autonomie bor fich geben. Im Fall einer energischen Biberfehlichkeit gedachte man bie flavischen Stamme als "gefügigen Reil" gegen bas Magharenthum ju gebrauchen. Der Plan fceiterte an der Opposition der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Magnaten, an beren Spize ein hober Burdentrager ber tatholifden Rirche ftand, Paul Szedenbi, Erzbifcof von Rolocza. Gegen ein Regermandat des Graner Erzbischofs und Cardinalprimas bon Ungarn erhoben die Seemachte und die evangelifden beutfden Stande Cinfprace. Gin tiefes Mißtrauen griff feitdem in Ungarn und Siebenburgen Blat, bas ben Spaberaugen der Agenten Ludwigs XIV. nicht entging. Französisches Gold und französische

bindungen mit den ungarischen Unzufriedenen vor Gericht gestellt werden. Er entsich Nov. 1701. der Haft und wartete in Polen auf den Augenblid der Feimkehr, um die Ansprücke seiner Familie auf die Fürstenwürde in Siebenbürgen wieder geltend zu machen. In Wien verurtheilte man ihn zum Tode und Güterverlust und setzte einen Preis auf sein Hakoczh brauchte nicht lange auf eine Gelegenheit der Rache zu harren. Die über den Steuerdruck ergrimmten Bauern in den Theißgegenden erhoben, als der größte Theil der deutschen Truppen aus dem Lande gezogen war, die Fahne der Empörung. Der kleine Adel schloß sich an. Die Insurgenten riesen den siebenbürgischen Fürsten zum Ansührer aus und dieser zögerte nicht, im Bertrauen auf französsische und polnische

Berführungekunft goffen Del in die Flamme. Franz Ratoczy II., der Sproftling des einst fo machtigen Gefchlichts in Siebenburgen, follte wegen hochverratherischer Ber-

bulfe bem Rufe Folge zu leiften. Run nahm ber ungarifche Aufftand großere Dimen- Brublage fionen an. In Bien gerieth man in Berlegenheit; Die Ginen riethen zur Rachgiebigfrit, die Andern gur Strenge. Aber fur die lettere Magregel fehlte es an Truppen und Belb. Der Sieg Alexanders Rarolpi über die Infurgenten mar ohne nachhaltige Birtung; vom Biener Sof beleidigt ichloß fich der Graf felbft dem Aufruhr an. In feiner Bedrangniß ernannte ber Raifer ben Pringen Gugen gum Brafidenten bes Soffriegsraths und legte die Entscheidung über die Kriegsangelegenheiten in seine fraftige Sand.

Der Plan, Sirol mit Baiern ju bereinigen war bem Rurfürften Dag Frangofifche Emanuel gerronnen, aber nicht sein Muth. Mit den Truppen Billars' ver- folge. 1703. bunden widerstand er fraftig den bon allen Seiten gegen fein Land anrudenden Reinden. Er behauptete fich im Befit bon Rufftein und Regensburg; er brachte bei Sochstadt dem General Styrum eine Riederlage bei und nothigte den Mart. 20. Sept. grafen von Baden ben Rudzug anzutreten; im Berein mit ber frangofischen Armee eroberte er Augsburg und Paffau. Man mar in Bien in großer Beforgniß, er mochte in Defterreich ober Bohmen einruden und ben ungarischen Malcontenten und Aufftandischen die Sand reichen. Mag Emanuel mar ein Fürft von Rraft und Unternehmungsgeift: wie einft fein Borganger an ber Seite bes Raifers feinem Bergogthum eine geschichtliche Stellung und ben turfürftlichen Rang erworben, fo gedachte er an ber Seite Frankreichs fich ju boberen Dingen aufzuschwingen. In Berfailles erkannte und ichatte man ben Berth eines folden Berbundeten. Als er fich mit Billars nicht gut vertrug, rief man benfelben ab und gab ibm in Marfin einen fügfameren Nachfolger. — Bugleich gemannen die Frangofen am Ober- und Mittelrhein vortheilhafte Stellungen. Im September fiel die Kestung Altbreisach in die Sande Baubans und einige Bochen nachber brachte Marichall Tallard ben zwietrachtigen Reichstruppen an ber Speierbach eine empfindliche Niederlage bei und erzwang bie Rudgabe bon Landau. Und auch in Italien erhielt die frangofische Armee die Oberhand. Als die Regierung ju Berfailles in Erfahrung brachte, daß nach bem fehlgeschlagenen Angriff auf Tirol ber Bergog von Savogen-Piemont mit dem Plane umgebe, die Baffenbruderschaft zu taufchen und mit dem Raifer in Bund zu treten, er- Sept. 1703. bielt Bendome die Beisung, eine Entwaffnung der herzoglichen Eruppen gu fordern. Dies beschleunigte den Abfall. Bictor Amadeus ließ fich durch bie Bermahlung seiner beiden Tochter an zwei Bourbonische Prinzen, den Bergog von Bourgogne und Philipp von Anjou, nicht abhalten fich den Verbundeten angufchließen, die ihm Bulfetruppen und Bergrößerung feines Landes in Ausficht stellten. Daburch zog er schwere Rriegenoth über sein Bolt. Bendome eroberte die festen Orte Bercelli, Montmelian, Rigga, machte die Garnison gu Rriegsgefangenen und befette ben größten Theil von Biemont, ohne daß der Bergog und die deutsche Bulfemannichaft, die ihm General Starbemberg auführte, es zu hindern bermochten.

Die Lage ber Dinge in ber

Das größte Bertrauen feste ber hof von Berfailles auf Spanien. Philipp vorendifcen war von der Ration mit Jubel begrüßt worden; er galt als der Trager der Salbinfel. nationalen Einheitsibee. Bortocarrero, ber ehrgeizige berrichfige Briefter. ber ben Borfit in dem engeren Staatbrath (Dispacho) führte, arbeitete gang im Intereffe Frankreichs. Lubwig XIV. betrachtete seinen Entel als Untertonig, ben er fortwährend burch feine Rathfolage lentte. Bar Philipp boch burch Temperament und Erziehung bon fo fügfamer unselbständiger Ratur, daß er fremder Leitung gar nicht entbehren tannte, daß er Jedem, ber ihm burch Entschiedenheit oder Intelligeng imponirte, au Billen war und daß er insbesondere weiblichen Einfluffen nicht zu widersteben vermochte. Schon als Jungling lebensmude und melancholisch legte er gerne die Laften der Regierung auf andere Schultern; die Staatsgeschäfte maren ihm wiberwartig. Bei folder Anlage mar es gang erflärlich, daß eine Dame von altfrangofischem Abel, Maria Anna de la Trémoille, welche in aweiter Che in die romische Fürstenfamilie Orfini bermablt gewefen. und am papftlichen hofe eifrig fur die Bourbonifche Succeffion gewirft hatte, ju einer Stellung am Mabriber Dof fich emporaufdwingen vermochte, wie Labe Marlborough am englischen.

Die Fürftin Orfini.

"Eine zugleich majeftatische und anmuthige Frau, ebenso liebenswurdig wie großartig war die Fürstin Orfini gewohnt ju berrichen. Chemals hatten die finnlichen Reize bes Beibes die Manner gefeffelt, fpater herrichte fie burch die Runft ber Ueberredung und durch die gebieterische Rraft eines festen Billens." Dbrodf fcon 65 Jahre gablend, hatte fie doch noch die Sparen ehemaliger Schönheit und Anmuth bewahrt, und weder die Gewandtheit ihrer Bewegungen noch die Frifche ihres Beiftes wiefen auf ihr Alter bin. Als Dberhofmeisterin der taum funfgehnjahrigen Ronigsbraut aus Savopen beigefellt, erlangte die Orfini in Rurzem eine gebieterifche Machtstellung und griff mit überlegenem Beift und fühner Sand in das Getreibe ber großen europäischen Politit Dem Lande ihrer Geburt und bem Intereffe Ludwigs XIV. ergeben, fuchte fie bennoch der Madrider Regierung einen felbständigen nationalen Charafter zu verleiben. Portocarrero, der den engeren Rath zu einer frangofirenden Camarilla machte, mußte balb ihrem Ginfluß weichen; fie berrichte im Balaft, fie mar die Scele der Regierung; ber Ronig gehorchte ihr aus Charafterfdmache, bie junge lebhafte fruhreife Ronigin aus perfonlicher Reigung, ber Minifter Orry handelte nach ihren Gingebungen, das fpanische Bolt war ihr nicht abhold.

Bürgerliche

Roch tonnte Spanien ber frangofischen Unterflützung nicht entbebren; nur mittelf Bartelung in Spanien burchgreifender Reformen bermochte das Reich fich aus dem wirthichaftlichen und adminiftrativen Berfall, der uns aus früheren Blattern befannt genug ift, emporquarbeiten. Dazu forderte Endwig feinen Entel auf und ließ es nicht an Instructionen fehlen. Aber eine folde Reformthatigkeit verlangte Beit, Intelligeng und Arafte; und bereits festen die Teinde ihre Bebel ein, um die fowachgelotheten Fugen der fpanischen Rationalitat aus einander ju treiben. Die erften Unfage maren fcon erfolgt burch die Landung eines englisch-hollandischen Gefcmaders bei Cadig und durch die Begnahme

Serbft 1702. einer fpanischen Sandels- und Silberflotte in der Bucht von Bigo. Die Erfolge maren gering und wurden jum Theil aufgewogen burch ben Rachtheil, daß burch die Berwüftung Andalufiens die Bevölkerung jum glübenden Saß gegen die "tegerifchen Ranber" entflammt wurde, und durch die Berlufte, welche die Berftorung der reichbeladenen Gallionen den englischen und hollandischen Raufleuten gufügte, die unter spanischem Ramen handelten. Aber immerbin waren es Anzeichen tommender Sturme, die balb über die Balbinfel hereinbrechen follten. Die altspanische Bartei wurde lebendig, Die habsburgischen Sympathien erwachten beim Abel ; einer ber erften Granden Spaniens, henriquez de Cabrero, herzog von Riofecco, Almirante von Castilien begab sich nach Liffabon und wirtte dort für den Anschluß an die Alliang.

Ronig Don Pedro von Portugal trug Anfangs Bedenten, feine bisherige Po- Beitritt jur litif aufzugeben und die Rache Frankreichs zu reizen. Aber die Anerbietungen der Alliang. Seemachte waren zu lodend : nicht nur daß ein hollandisch-englisches Geschwader die Rufte bewachen und ein namhaftes Landheer bem Ronig gur Berfügung gestellt werden follte, man ließ ihn auch eine Grenzerweiterung hoffen und der englische Gefandte Methben sicherte ben Portugiefen über die Ausfuhr von Bein und die Einfuhr von Bolle eine Sandelbubereinkunft, die ihnen fehr gunftig vortam. Run trat Don Bedro bem Bundesvertrag bei, und ba es bald nachher ben Be- 16. Mai muhungen ber englisch-hollandischen Diplomatie gelang, bas Biener Cabinet aus seiner zuwartenden Stellung zu reißen und ben Raifer fo wie den romischen Ronig Joseph zu vermögen, ihre Rechte auf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dem Erzherzog Rarl abzutreten und ihn ale Gesammterben nach ber phrenaischen Salbinfel gu 16. Sept. entsenden, so wurde nunmehr Portugal ber Baffenplat bes Rrieges in dem Byrenaenland. Aufe durftigfte ausgeruftet reifte ber achtzehnjährige Fürst über Rorig. Rordbeutichland nach bem Saag. Der Sitte ber Beit gemaß murben ihm bon den deutschen Sofen die glanzendsten Empfangsfeierlichkeiten bereitet. Eine bollandische Blotte follte ibn nach dem Tajo führen, aber heftige Berbstfturme verzögerten die Abfahrt. Erft im folgenden Januar tonnte er nach England binübersehen, wo er von der Königin und den Whigs mit Auszeichnung behandelt, bon Jacobitischen Flugschriften bagegen als "tatholischer Ronig von Reger Snaden" verhöhnt ward; am 8. Marz brachte ihn ein englisch-hollandifches 8. Marz Geschwader unter dem Oberbefehl bes General Fagel und des Berzogs von Shomberg, dessen Bater einst in dem portugiefischen Unabhängigkeitekrieg eine so hervorragende Rolle gespielt, nach Liffabon. Rarl mar weder an Charafter noch an geiftigen Gigenschaften feinem frangofischen Rivalen mertlich überlegen Beide waren gutmuthige und fittenreine Naturen, wohlwollend und gewissenhaft, aber unselbständig und ohne Thatendrang; jener abhangig von der Fürstin Orfini, diefer von feinem befchrantten fleinlichen Oberhofmeister, bein Fürsten Anton Klorian von Liechtenstein. Auch die Bahl der beiden Führer, des eigensinnigen Bagel und des unerfahrenen und unschlüssigen Schomberg war keine glückliche.

Der berühmte Methvenvertrag, ber ben Ramen des englischen Gefandten in ber euro- Der Meth: paifden Dandelsgeschichte verewigt hat, wurde an der Themse und am Lajo als eine gewinn 27. Decer. wiche Errungenschaft betrachtet. Indem er einerseits die Ginfuhr portugiefischer Beine in 1703. England durch Berabfegung der Steuer begunftigte, andererfeits nur englische Bolle auf ben portugiefischen Martten zuließ, begunftigte, er die Produtte der abeligen Beinbergbefiger am Lajo und Duero und ber wollzuchtenben Grundherren im britifchen Reich. Allein mit ber Beit

erwies sich der handelsvertrag sehr nachtheilig für Portugal und brachte das Königreich ganz in Abhängigkeit von England. "Die gesteigerte Beinaussuhr" heißt es bei Roorden, "rief zunächst eine ausgedehntere Plantagenwirthschaft der vermögenden Rlassen und eine Aussaugung des kleinen Grundbesiges ins Leben. Bald schon über den Begehr des Auslandes hinaus zur Weincultur verwerthet, deckte der Boden nicht mehr den staatlichen Bedarf an Fleisch und Brot. Die Industrie, der das Capital entgegen war, erlahmte und nicht nur im Bollenverbrauch, sondern auch in allen übrigen industriellen Bedürfnissen ward Portugal abhängig vom Ausland. — Rachdem die Landwirthschaft unter dem Plantagenbau und das Handwert unter der Ueberschwemmung des portugiesischen Marktes mit ausländischen Erzeugnissen verkümmert war, folgte als die Frucht solcher schwindelhaften lleberspeculation auch die Lerrüttung der großen Bermögenstände."

#### 3. Von göchftädt bis Malplaguet.

Bereinigung ber Scere.

Mit bem Jahre 1704 trat eine Benbung in ben Gangen und Bechsclfallen bes Rrieges ein. Beber die Ermahnungen des Raifers und der Reichsfürfim noch die Bedrohung des baierischen Landes durch deutsche, bohmische und danische Truppen vermochten den Aurfürsten Mag Emanuel von seinem Bunde mit Fraulreich abaubringen. Da faßte Bring Gugen, ber bamale an ber Spige bes atfammten öfterreichischen Rriegswesens ftand, ben Plan, burch einen combinirten Angriff die frangofisch-balerische Becresmacht außer Stand zu feten, ben triegerifchen Bewegungen, die fich bon Gudbeutschland bis nach Ungarn erftredien. Borfchub zu leisten. Seine bobe Stellung machte es ibm möglich, bei allen Unternehmungen seinem eigenen Beifte zu folgen, und Riemand übersah bamalt bie Lage ber Dinge fo flar als er. "Mit jenem Talente ausgeruftet, welches bas Allgemeine und Große fest im Auge behalt und babei bas Rleinste nicht übersicht. und mit der Autoritat, die auf Erfahrung und Ginficht gegrundet, fich jeben Augenblid geltend macht, entwarf er ben Feldzug und Schlachtplan." Bu Bien aus hatte er mit bem englisch-hollandischen Beerführer Berbindungen eingeleitet, daß derfelbe ihm mit feiner Armee nach Suddeutschland zu Gulfe giebn mochte, und wurde in feinem Bemuben bon bem faiferlichen Bofe unterftugt. Marlborough ging gerne auf den Borschlag ein. Er war mit Eugen gang einverstanden, daß man durch einen großen Schlag eine Entscheidung berbeiführen, in die labme Rriegsweise Leben und Bewegung bringen muffe. Aber es war fin ihn teine leichte Arbeit, die fproden Elemente, die ihm allenthalben im Bigt standen, zu überwinden: in England, wo die Factionswuth zwischen Tories und Bhigs, zwischen Sochfirchlichen und Diffenters einen hoben Grad erreicht bane, tonnte der Bergog nur durch die Gunft und die perfonliche Unterftugung ber Königin zwischen den fast gleichstarken Parteien sich in seiner Machtstellung behaupten; er bedurfte glanzender Erfolge im Feld, wenn nicht der Landfrig gang erschlaffen follte: Die hochmögenden Berren in Amsterdam, welche mahren der statthalterlosen Beit das Regiment führten, berechneten genau. die Summen, Die fie für Die öfterreichischen Intereffen verausgabten. Es machte auf bie

Sandelsherren ber Republit wenig Gindrud, bag man ihnen borftellte, die baierifch. frangofische Stellung im Bergen bes Reiches verzehre "einem giftigen Fiebergeschwür vergleichbar" die Rrafte ber Alliang. Den calvinischen Regenten ging die bedrangte Lage Defterreichs, bas ihre Blaubensverwandten in Ungarn bedrudte, nicht fehr zu Bergen. Der englische Oberfeldherr tonnte nur badurch den gemeinsam gefaßten Rriegsplan durchführen, daß er von einem Streifzug an die Mofel fprach, fein eigentliches Borhaben vor Sedermann gebeim hielt. Bum Glud übertrug Ludwig XIV. bem aus ber öfterreichischen Rriegsgefangenschaft entlaffenen wenig befähigten General Billeroi ben Oberbefehl über bie belgisch. frangöfischen Truppen gegen ben hollandischen Feldherrn Duvertert, ber nach Marlboroughe Abzug die Bertheibigung der Rieberlande übernahm. In Frantreich errieth man nach und nach die Absicht bes englisch-hollandischen Befehls. habers, als er mit feinem Bundesheer fich von der Mofel nach dem Rhein und Redar wandte, und Ronig Ludwig befchloß, feinen getreuen Baffengenoffen im Bebiet ber obern Donau fraftig ju unterftugen. Es gelang bem Maricall Tallard mit einem beträchtlichen, wohlversehenen Beer in einer breiten Marschlinie durch das verschanzte Sollenthal und die Seitenthaler bes Schwarzwaldes vorzudringen und fich mit bem Rurfürsten und Marfin bei Billingen gu ber- Mai 1704. einigen. Einige Bochen nachher traf Marlborough mit Eugen in Großheppach 12. 3uni. im Burtembergischen gusammen.

In feiner außern Erfcheinung ftach ber mannlich-fcone englische Bord vortheilhaft Die brei ab gegenüber bem unansehnlichen beinahe mißgeftalteten taiferlichen Belbherrn, und auch Beibheren. das diplomatifchegewandte von dem Rimbus einer felbstbewußten Burde umgebene Benehmen bes Englanders mar febr verfchieden von der einfachen befcheidenen alle Formlichteit verschmahenden Saltung des andern. Um fo mehr ftimmten die inneren Sigenfcaften ber beiben großen Manner überein ober erganzten einander. "Denn in beiden einte fich in derfelben harmonischen Mifchung ein tubler durchbringender Berftand mit lebhafter Imagination, icharfe Rlarbeit bes Billens mit rudfictslofer Rubnheit des Bandelns, eine vollständig nuchterne Beherrschung des Momentes mit feinfühligem beinahe ahnungevollem Berftandniß ber fünftigen Entwidelung". waren tiefe und erfahrene Menfchenkenner, beibe voll befonnenen Muthes, beibe "bart geworden im Feld und verfeinert an den Sofen". In fittlicher hinficht mar der gerade, wahrheitliebende Eugen feinem englischen Baffengenoffen, dem Meifter in der Runft ber Berftellung weit überlegen. Der Reichsfeldherr Ludwig von Baden, der britte in bem gelbherrenbund, glangte nur noch durch feinen alten Rriegeruhm, mabrend feine methodifcbebedachtige zaudernde Rriegführung in Biderfpruch ftand mit der genialen Strategie und dem tubnen Unternehmungsgeift der beiden andern, und fein bermabrloftes, an Allem Mangel leibendes heer war ein getreues Abbild bes ftaatlichen Jammerzustandes des damaligen beutschen Reichs.

In Großheppach tam man überein, daß Eugen die Bubler Linien gegen die Der Beibgug ' frangofifche Rheinarmee vertheidigen, Die Eruppen ber Seemachte und bas Reichs. Donau. heer vereint gegen die baierifch-frangösische Rriegemacht vorgeben follten, die 1704. oberhalb Donauworth ein verschangtes Lager bezogen hatte. Als bie unter Ber804 G. Das achtzehnte Sahrh. in ben vier ersten Sahrzehnten.

mittelung Brandenburgs zwischen bem Raiser und bem Aurfürsten angeknüpften Berhandlungen an den übertriebenen Forderungen des letteren scheiterten, machten die Berbundeten einen Angriff auf die feindlichen Truppen, die auf dem Schellen-

bie Berbundeten einen Angriff auf die feindlichen Truppen, die auf dem Schellenberg hinter festen Schanzwerken aufgestellt waren. Rach einem hartnäckigen 2.3mil Rampf wurde der baierische General, Graf Arco zum fluchtähnlichen Abzug genöthigt, verfolgt von der englischen Reiterei. Bon 10,000 Mann baierischer Rerntruppen rettete sich nur ein Drittel, die übrigen wurden Kriegsgefangene oder fanden ihren Tod in den Fluthen der Donau. Marlborough drang über den Lech in die Aurlande ein. Max Emanuel zweiselte nicht, daß die erlittenen Unfälle bald ausgeglichen sein twürden, da die französische Hauptarmee zu seiner Huffalle berannuckte. Alles beutete auf eine nahe Entscheidung bin. Als Marschall

Sülse heranrudte. Alles beutete auf eine nahe Entscheidung hin. Als Marschall Tallard, ein feiner mehr diplomatisch als strategisch gewandter Militar und Hosmann, den Bundesgenossen seines Königs bei Augsburg umarmte, sagte er, daß eine Schlacht bevorstehe, "die das Pharsalus des Krieges sein werde". Er dachte wohl, dem Versailler Machthaber würde die Rolle Casars zusallen. Aber es sollte anders kommen. Eugen übertrug die Hut der Rheingrenze einigen Deckungsmannschaften und zog mit seinem Hauptheer die Donau abwärts, um sich mit Marlborough und Ludwig von Baden zu vereinigen. Die zaudernde Haltung des Reichsseldherrn hatte schon bisher wiederholt zu Reibungen und Streitigkeiten mit dem englisch-holländischen Besehlshaber geführt; auch jest bestand er darauf, daß man vor Allem sich der Festung Ingolstadt bemächtigen müsse. Dies gab dem Prinzen von Savoyen, dem Leopold die freie Verfügung über die gesammte kaiserlich-deutsche Kriegsmacht eingeräumt hatte, Gelegenheit den eigensunigen Reichssürsten mit 20,000 Mann von der Hauptarmee abzutennen und zu dem Festungskrieg vor Ingolstadt zu entsenden. Dann beschlossen

trennen und zu dem Festungskrieg vor Ingolstadt zu entsenden. Dann beschlossen Die Schlacht die beiden andern Heersührer auf der Sebene, die sich oberhalb Donauwörths auf bei Hockstadt die beiden andern Heersührer auf der Sebene, die sich oberhalb Donauwörths auf bei Hendein. dem linken Ufer des Stromes gegen Höchstädt und Dillingen erstreckt, ihre Heerstörper zu vereinigen. Mit wunderbarer Kühnheit und strategischer Kunst hütete der Prinz das nördliche Donauuser gegen die viersach stärkere Streitmacht der Baiern und Franzosen, die Marlborough mit den seemächtlichen Truppen zu ihm stoßen und dann die gesammte Kriegsmacht der Berbündeten die Thalebene zwischen dem Hohenzug und dem Stromuser besetzen konste. Dank der mangelhaften Auskundschaftung von Seiten des baierisch-französischen Hauptquartiers gelang die Ausstellung der kaiserlich-seemächtlichen Kriegsvölker ohne Störung. Bei Höchstät, wo im vorhergehenden Jahre Styrum geschlagen worden, und in dem Dorfe Lupingen nahm Prinz Eugen Stellung, während Marlborough sich nordösitlich an das Dorf Blindheim (Blenheim) anlehnte. Hier ereignete sich nun an

13. Mug. einem heißen Augusttage die denkwürdige Schlacht, die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 nach dem Städtchen Söchstädt, in der englischen nach dem Orte Blenheim genannt wird, eine wahre Bölkerschlacht, wo Truppen verschiedener Landesabkunft und Sprache ihre Kräfte gegen einander maßen. Fast einen ganzen Tag wogte

bie Schlacht unter furchtbaren Rampfen unentschieden bin und ber, als gegen Abend bas schöpferische Genie Marlboroughs durch eine Umformung des Angriffsplanes eine Benbung berbeiführte. Durch bas energische Borbrangen ber Reiterschwadronen, benen das Fusvolt rafc nachfolgte, wurden Tallards Schlachtreiben burchbrochen, Marfins rechter Flugel aufgerollt, die Bataillone bes tapfern Oberften Blainville aus bem Dorfe Oberglauheim geworfen. Bugleich richtete Eugen auf bem linten Flügel und im Centrum, wo Mar Emanuel ben Oberbefehl mit Umficht und Geschick führte, einen germalmenden Stoß wider ben Feind und nothigte ibn bei einbrechender Dammerung jum Rudjug. Rachbem noch Marlboroughs Bruder, General Churchill bas verschanzte hartnädig vertheidigte Dorf Blindheim erfturmt, mußte bas frangofisch-baierische Seer eine Capitulation unterzeichnen, wie bie Subrer ber Berbundeten fie vorschrieben. Eugen und Marlborough hatten einen Sieg in ber großartigsten Bedeutung des Bortes errungen. Dehr als 30,000 Leichen und Bermundete bedten bas Schlachtfeld; 15,000 Frangofen, barunter Tallard felbst geriethen in Gefangenschaft, bas ganze Rriegsgerathe wurde erbeutet; in allen Familien Frankreichs, vornehmen wie geringen herrschte Erauer. Seit ben Tagen Richelieu's die militarifche Bormacht bes Abenblandes, hatte die Monarchie ben ersten erschntternden Stoß empfangen ; in ben religiofen Rreifen Frantreiche mar man verwundert und betroffen, bag Gott fich fur Reger und Ufurpatoren" ertlare. Mariboroughs Rame wurde noch lange in frangofischen Landen mit Grauen ausgesprochen.

Auch für die Barteigenoffen des Lords in England war der Tag von Blenheim Bolgen ber Schlacht. ein Sieg. Bon der Stunde an, da der Bergog auf der Bablftatt an feine Gemablin in Bleiftiftzeilen feinen Erlumph gemeldet, ging bas Regiment an die Bhiglords über; Rochefter foritt gefentten Sauptes einher und Godolphin führte bas enticheidende Bort. Im Baag nahmen die hochmogenden herren einen triegerifchen Aufschwung; noch einmal feierte die Republit das Abendroth der großen Kriegspolitit des fiebenzehnten Jahrbunderts. Der Binterfeldzug, den der Bergog an der Mofel unternahm wobei er Erier befette, gereichte in erster Linie den Generalstaaten zum Bortheil. Um meisten gewann Raifer Leopold durch ben Siegestag bei Bochstadt. Bahrend Dag Emanuel, der eingige Mann, der den Ropf aufrecht hielt, fich nothgebrungen dem Rudjug der frangofischen Armee durch die Baffe des Schwarzwaldes nach dem Rheine anschloß, langfam und fpat verfolgt durch die Sieger; nahmen taiferliche Truppen Befit bon dem baierischen Lande, zwangen die Rurfürftin die von ihrem Gemahl eroberten Stadte Mugeburg, Regeneburg, Baffau berauszugeben und übten Drud und Erpreffung aller Art; jugleich ergingen an die ungarischen Insurgenten ernfte Drohworte. Es entfprach jedoch febr wenig ber großartigen Rriegspolitit des Pringen und des Bergogs, welche nach bem galle von Landau auf der gangen Rheinlinie bis an die füdlichen Alpen den Angriff wider Frankreich richten wollten, daß die taiferlichen Commiffare und Militarbeamten durch Mishandlung und Graufamteit gegen die Baiern und durch robes Betragen gegen die bom Bolle geliebte und verehrte Rurfürstin eine Gabrung erzeugten, die bald jum offenen Aufftand führte, und daß das feindselige Borgeben gegen die Magyaren in Ungarn und Siebenburgen neue Boltberbebungen und eine

nach polnischem Borbild organisirte Magnaten-Confoderation hervorrief, die Ratoczy's ehrgeizige Phantasie mit herrscherplanen füllte.

Salfer Leopolde Tob u. Schon bedrohten die ungarischen Insurgenten, unter denen neben Rakoczh
bolde Tob u.

Charafter: besonders der rankevolle Graf Csakh und der selbstsüchtige, anmaßende Berschnit
das Wort führten, die österreichische Herrschaft in den Donaulanden; schon
gährte es unter den von Steuern, Sinquartierung und Militäraufgebot zur Beramissure gehandten Rausen und Rüssern in Reisen este Leiten Leanus I.

gaprie es unter ben bon Stenern, Einquarterung und Beinaraungevot zur Beizweislung gebrachten Bauern und Bürgern in Baiern; als Raiser Leopold I.

5. Mai 1705. aus dem Leben ging und sein ältester Sohn Joseph I., schon vor Jahren als römischer König von den Kurfürsten anerkannt, den Kaiserthron bestieg. Wir haben den Habsburger Herrscher in verschiedenen Lebenslagen, in Tagen des Glückes wie in Beiten der Roth und Gesahren kennen gelernt. Riemand hat weniger als er den Beinamen des Großen verdient, den ihm die schmeichelnde Geschichtschreibung beizulegen gesucht. Mit Geistesgaben mäßig ausgestattet, bedächtig und unschlüssig war er sein Lebenlang abhängig von seinen Hosseuten und Räthen und noch mehr von seinen jesuitschen Beichtvätern. Shue Thatkraft und Arbeitslust ließe er dem Schäsal seinen Lauf, abergläubisch vertrauend, daß ein göttliches "Mirakel" zur rechten Zeit eintreten und Oesterreich erhalten werde. Geistliche Uedungen, Jagd, Musik und friedliche Beschäftigungen, pedantische Uederwachung der steisen Monarchen Gosordnung lagen dem schwachen unter klerikalem Einsluß stehenden Monarchen mehr am Herzen, als Wassensührung und Staatsgeschäfte. Es war nicht sein Verdienst, wenn während seiner langen

Raifer zusammengewirkt. Die Kriegspolitik erfuhr durch den Thronwechsel keine Joseph I. Bandlung. Raiser Joseph I., dessen lebhafter, beweglicher Geist von der stumpfen Trägheit seines Baters ebenso sehr abstach, wie seine hochgewachsene Gestalt, seine Lebenskrische, seine Freude an männlichen Uebungen, an Reiten, Jagen, Tanzen, sein heiteres Temperament von der kleinen ausdruckslosen Persönlichkeit und dem melancholischen Zuge seines Vorgängers, trat mit voller Entschiedenheit

Regierung Desterreich zu höherer Macht emporstieg; große Feldherren, bor Allen Eugen von Savopen, gludliche Beitumftande und fremde Fehler haben dabei

in die Allianz ein und wendete sein ganzes Bertrauen dem ihm befreundeten Feldherrn Eugen zu. Eine freiere Erziehung hatte seinen Geist gehoben und veredelt; er war in religiösen Dingen tolerant und gewährte Priestern und Jesuiten keinen Ginfluß über sich und seine Regierung. Gine seiner ersten Sandlungen

Berfobnungspolitik in lingarn. Diefe Glorie zu erhalten und zu mehren war sein Bestreben. Bahrend die Feldherren ben Plan überlegten, wie man durch einen gleichzeitigen Angriff an verschiedenen Orten den Feind in Frankreich selbst am nachdrücklichsten bekampfen möchte, war der Kaiser und sein Botschafter Graf Bratiklaw bemüht, im eigenen Reich und in den deutschen Grenzlanden den französischen Einwirkungen und Berführungskünsten entgegenzutreten. Bu dem Ende suchte er unter Bermittelung der Seemächte in Ungarn friedliche Bustande zu begründen, indem er die religiösen Bedrückungen einstellte, die Erhaltung der alten

mar, daß er Marlborough zum Fürften bes Reichs erhob.

Rechte guficherte und Allen, welche die Baffen niederlegen murben, Amneftie versprach. Und wenngleich Ratoczy theils aus eigenem Chrgeiz theils durch franzöfische Berfpredungen und Intriguen bewogen, die Friedensantrage gurudwies und bei dem Berfuch beharrte, den Fürstenftuhl von Siebenburgen wieder an fich und fein Saus ju bringen; fo verloren dagegen in Ungarn felbst die eigenfüchtigen Magnaten, welche auf eine Lobreigung des Landes von Defterreich jufteuerten, jugleich aber die revolutionare Bewegung für ihren eigenen Bortheil auszubeuten suchten, immer mehr das Bertrauen des Bolfs und damit den Boden für ihr agitatorisches Treiben unter ihren Fußen. Als nun ein taiferliches Manifest durch die beruhigende Berficherung, "baß die Bererblichkeit der ungarischen Arone niemals zur Beeintrachtigung der dem Ronigreich Ungarn eigenthumlichen Rechte und Freiheiten ausschlagen werde" die Umtricbe der "Conföderirten" zurudwies und zugleich der General Berbeville durch einen meisterhaften Beldzug über die Steppen und Sumpfe die Baffe nach Siebenburgen ficherte, gewann die Autorität ber Sabsburger Dynaftie in ben Oftlanden allmählich wieder feften Grund, fo daß eine geringe Eruppengahl gur Erhaltung ber Rube und Ordnung und gur Bekampfung des Rakoczb'ichen Anhanges genügte und die übrigen Streitkräfte gegen grantreich verwendet werden tonnten.

Sleichzeitig betrieb Joseph I. auf bem Reichstag ju Regensburg bie Achtser- Die Bittelstlarung gegen ben baierifchen Rurfurften Dag Emanuel, ber mit Billars vereinigt an achtet. ber Spige ber frangofifd-fpanifden Eruppen die niederlandifden Grengen bedrobte, und Mufftanb. gegen den reichsfeindlichen Rirchenfürsten von Roln, der noch immer in Frankreich weilte. Beide wurden ihrer Reichsmurden und Leben verluftig erflart, die Oberpfalz Mai 1706. an den Pfalggrafen bei Rhein gurudgegeben, einige Grenggebiete am Inn mit Defterreich berbunden, das übrige Land einem taiferlichen Statthalter unterftellt, die Rurfürstin zur Flucht nach Mailand gebracht. Diefes Berfahren, bas als ber Anfang zur Einverleibung des Landes in Desterreich angesehen ward, verbunden mit den fortdauernden Cinquartierungslaften, Auflagen und Militaraushebungen, fteigerte den Unmuth der baierifden Batrioten bis jur Emporung. Sie ftifteten den Bund der "Landesvertheibiger" und erregten einen Aufstand, der von verabschiedeten Soldaten geleitet in Aurzem fich fiber ganz Ober- und Riederbaiern ausdehnte. Aber Unordnung und Berratherei in den eigenen Reihen führten die Riederlage bei Sendling en durch ofterreichifche Eruppen herbei. Die folechtbewaffneten, baierifden Infurgenten ließen 2000 Tobte und Bermundete auf dem Rampfplag. Die Gefangenen wurden an die Baume aufgeknupft, die Führer mit dem Schwerte hingerichtet, die kurfürftlichen Prinzen als Beigeln weggeführt, die Leiden und Drangfale durch neuen Drud erhobt. Roch lange ergablte fic das baierifche Bolt von dem riefengroßen "Schmiedbalthes" (Balthafar Rape), der nach vielen tapfern Kriegsthaten, die er einst vor Belgrad verrichtet, bei Sendlingen bon einer Lange durchbohrt ward, noch im Sterben das Lowenbanner fowingend.

Mittlerweile hatte ber Rrieg in ben Rhein- und Mofelgegenden, in Italien, Bortgang in Spanien und zur See feinen Fortgang. Der Borfchlag bes Reichsmarfchalls Sollage bet Ludwig von Baden, mit vereinten Kraften über ben Oberrhein nach bem Elfaß 1706. 1706. vorzudringen, fand keinen Beifall; vielmehr wollte Marlborough zuerst bie Riederlande ficher ftellen und dann von Trier aus über Lothringen in Frankreich einruden. Er feste feinen Billen burch: an ber Spipe bes feemachtlichen Beeres, dem auch der Markgraf einen Theil seiner Reichstruppen abgab, jog er nach der Mosel. Aber auch Ludwig XIV, hatte seine, burch Recrutirungen und neue

Anstellungen frisch organisirte Hauptmacht nach dem Rorden gesandt und ba Marichall Billars, ber burch die Beendigung des Cantifardenfrieges (G. 420) an Ansehen gewonnen hatte, mit bem Oberbefehl betraut. Bon Sierd aus, wo ein Lager bezogen und nach und nach befestigt ward, follte bie lothrivgische Grenze von Thionville bis Saarlouis gebedt werben, indes Villeroi pach ber Einnahme von Suy gegen bie Maas vorrudte und Luttich bedrobte und andere 3um 1705. Truppentheile ben Elfaß gegen Ludwig von Baben fchütten. 3m Juni tamen bie beiben Felbherren Marlborough und Billars einander fo nabe, daß die Belt mit Spannung einer neuen Schlacht entgegenfah; allein ber englische Herzog hielt es nicht für rathsam, ba er von Deutschland und Solland nicht nachdrudlich genug unterflütt marb, fich mit bem überlegenen Reinbe, ber burch neue Buguge fortwährend verftartt murbe, in ein Treffen einzulaffen. Er zog nach ben Rieberlanden jurud und gewährte bem Feind ben Triumph, fich eines Erfolgs über ben Sieger bon Blenheim zu rubmen. Der Triumph war aber von turger Dauer. Marlborough bewirtte bei ben Generalftaaten, daß fie Rriegscommiffare jur Rai 1706. Armee fchidten wie er fie wunschte, und rudte bann im Fruhjahr gegen bas frangofifch-belgifche Beer, bas unter bem Aurfürsten von Baiern und General

Billeroi unweit der Oyle Stellung genommen hatte. Bald erfolgte die Schlacht 23. Mai bei Ramillies, wo das Feldherrntalent des Herzogs und die Tapferkeit seiner überlegenen Reiterei einen neuen glänzenden Sieg ersocht. Die geschlagene Armee zog in Unordnung nach Löwen, Geschüß, Fahnen, Kriegsgeräthe und viele Gefangene in den Händen der Berbündeten zurücklassend. Und diese versäumten nicht, die errungenen Bortheile und die Bestürzung der Feinde rasch zu benußen. Zwei Tage nach der Schlacht zog Marlborough in Löwen ein; Mecheln, Brüssel, Gent und Brügge ergaben sich; allenthalben wurde Karl III. als König von Spanien und Her der Riederlande ausgerusen; die Stände von Bradant schwuren ihm Treue. Rur noch in einigen sessen sieh zu werden, war durch den Schlag bei Ramillies von den spanischen Riederlanden abgewendet.

Schlacht von Turin.

entscheidend; er wirkte auch auf das Land zuruck, das nicht minder oft als die flandrische Sbene der Schauplat kriegerischer Thaten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Habsdurg gewesen ist, auf die Lombardei. Wir wissen, das Bendome den größten Theil des Herzogthums Savohen-Piemont in seine Gewalt gebracht hatte; eben war der Due de Feuillade, der Resse des Ariegsministers Chamillard, den sich der französische Obergeneral selbst als Anführer neuer Berstärkungstruppen von Paris erbeten, mit der Belagerung der Hauptstadt Turin beschäftigt, welche die Eroberung des Gerzogthums vollenden sollte, während Bendome selbst das Maisländische Gebiet und alles Land dis zur Etsch besetzt hielt, die Angrisse der Raiserlichen bei Cassand und anderwärts zurückweisend. Da wurde der Marschall, den die Stimme des Volks als den einzigen fähigen Militär bezeichnete, welcher

Und nicht blos fur Flandern und Brabant war ber Tag von Ramillies

die bedrobte Rordgranze zu beschüten vermöchte, durch den Ronig abberufen, um bie wichtigere Miffion, wozu ihn bas Bertrauen ber Ration berief, zu übernehmen. gerade in bem Augenblid als die bringend verlangten Berftartungen bei bem faiferlichen Beer in Berona anlangten. Breußische Truppen unter dem erfahrenen Feldberen Leopold von Anhalt-Deffau, benen fich fachfische, pfalzische, beffische Regimenter angeschloffen, waren durch biefelben Tiroler Thaler berbeigezogen, welche die Baiern und Frangosen vor zwei Jahren batten befegen wollen. Ein Pring bon königlichem Geblut, ber Bergog von Orleans wurde gum Oberfeldherrn der italienischen Armee ernannt, ihm jur Seite der wenig befähigte Marfin. Bendome erkannte die Gefahr; er selbst mußte noch dem großen kaiserlichen Feldmarichall feine bisherige Stellung bei Bevio an ber unteren Etich überlaffen und fich über ben Mincio gurudziehen. Bie batten erft fein unerfahrener Rach. folger und beffen unschluffiger Gefährte bem erften Strategen bes Jahrhunderts Stand zu halten vermocht? Rur auf die Dedung von Mailand und auf die Eroberung der belagerten Sauptstadt Turin bedacht, machten fie teinen Bersuch, Eugen in feinem Borruden nach Beften aufzuhalten, wie ihnen Bendome bor seinem Abgang gerathen; vielmehr vereinigten fie ihre Truppen mit bem Belagerungsbeer, bas baburch ju einer Bobe von 80,000 Mann ftieg. Ohne Aufenthalt war ihnen Eugen in einem Parallelmarich auf ber Gubseite bes Bo gefolgt, hatte ungehindert den Tanaro überschritten und rudte jest, nachdem er fich mit Bictor Amadeus verbunden, auf den Reind los, der ibn in den Berschanjungen vor Turin erwartete. Bergebens hatte Orleans ben Borichlag gemacht, ben Rampf auf freiem Felbe ju magen; Marfin, auf bem gangen Felbjug von Tobesgebanten verdüftert und energielos, widersprach ibm. Und fo erfolgte benn bei Eurin die zweite Riederlage der Frangofen in diefem verhängnisvollen Sahr. 7. 5-pt. Mit wetteifernder Capferfeit erfturmten bie Berbundeten bie Berichangungen, Die Breußen unter Leopold von Deffau auf bem linken Flügel voran. Bald war die Flucht allgemein. Raum der dritte Theil der Armee vermochte fich nach ber Grengfeftung Binerolo, wohin ber Rudzug angeordnet ward, zu retten, die übrigen wurden erschlagen, gefangen, gersprengt. Marfin erlag am nachften Sag seinen Bunden. Das Lager mit feinen Reichthumern und das gefammte Belagerungs. geschütz fiel in die Sande ber Sieger. Roch an bemfelben Abend konnte ber Berzog in feine Hauptstadt einziehen; bald tamen die übrigen von den Franzofen beseten Orte in seine Gewalt; und noch vor Binter ergaben sich auch die Stadte im Mailandischen dem Sieger. In Novara, Bavia u. a. D. entwaffneten die Einwohner Die Befatungemannichaften, in Mailand murbe Eugen im Triumph nach dem Dome geführt und Rarl als Bergog ausgerufen. Damals maren bi Ramen von Engen und Marlborough in Aller Mund, in Boltsliedern wurde ihr Ruhm verfündigt.

### 810 G. Das achtzehnte Jahrh. in den vier erften Jahrzehnten.

Stalien unter

Die noch übrigen Garnisonen in ben italienischen Reftungen erhielten in Rolge gifde berts eines Bertrages freien Abzug. Bulest unterwarf sich auch der Befehlshaber des Castells fooft ge bon Mailand. Den gangen Binter über hatte er die Burgerfchaft durch Drohungen gezwungen, ihn und feine Leute mit Lebensmitteln zu verforgen; "er wollte ben Rubm haben, die gahne des fpanifch-bourbonifchen Ronigs am langften aufrecht zu erhalten." Run folgte auch er den andern über die Alpen. Mantua und Mirandola wurden als heimgefallene Reichslehen eingezogen, die übrigen bourbonifch gefinnten Fürften ju 1707. Contributionen gezwungen. Im Laufe des nächsten Jahres wurde das gefammit spanische Italien jur Anerkennung bes habsburgischen Ronigs gebracht. Graf Daun, ber tapfere Bertheidiger von Turin rudte im Sommer über die Romagna und die Mart in bas Ronigreich Reapel ein, unterwarf ohne Schwertstreich Capua und Aversa und end. lich auch die Sauptftadt fammt den Caftellen. Rachdem er noch Gaeta eingenommen und ben Biderftand in den Abruggen niebergeschlagen, berwaltete er bas Land als Bicetonig im Ramen Karls III. Sicilien und Sardinien huldigten gleichfalls der habsburgischen Berricaft, als ein englisches Geschwader anlegte und den Carliftifden Parteigangern Unterflützung gemahrte. Diefe Borgange brachten ben Bapft Clemens XI., der fo feft an ben Sieg bes großen Ronigs geglaubt und beffen Entel fo bereitwillig als Ronig von Spanien anerkannt hatte, in fcwere Ungelegenheiten. Lange widerfeste er fich ben Anordnungen ber taifeelichen Beerführer; erft als man ihm brobte, bet langerem Biderftand wurde man Rom und den Rirchenftaat beseten, fügte er fich ber Gewalt und erkannte den von den protestantischen Seemachten aufgestellten Sabsburger als Ronig bon Spanien an.

Der Rrieg Rur am Oberrhein und in Süddeutschland nahm der Krieg eine den Franrhein. zosen gunftige Bendung. Biele Sahre lang hatte Ludwig von Baben die Linien 3an. 1707. von Stollhofen und Bubl tapfer und erfolgreich vertheidigt. Als er am 4. 3anuar 1707 zu Rastatt aus bem Leben ging, übertrug bas Reich ben Oberbefehl bem Prinzen Eugen. Da dieser noch in Italien beschäftigt war, empfahl er den General von Thungen ju feinem Stellbertreter. Allein im Fürftenrath wurde beichloffen, bag ber altefte Reichsfelbmaricall Martgraf Chriftian von Anspach. Bapreuth die Führung übernehmen follte. Die Folge mar, daß Marfchall Billars die Linien burchbrach, alles Geschütz und alle Rriegsvorrathe erbeutete und bann raubend und brandschagend bas subweftliche Deutschland bis an bie Bergftraße, bis nach Schwaben und Franken burchzog. Satte ber Schwebenkönig Karl XII., ber damals fiegreich in Sachsen stand, ben Lodungen Ludwias XIV, nachaegeben und wie einst Orenstierna mit Frankreich einen Bund geschloffen, fo murbe fich bas Schickfal bes Rrieges in Deutschland entschieben haben. Aber ber protestantische Fürst des Rordens verschmähte die Berbindung mit einem Monarchen, ber feine Blaubensgenoffen bedrudte und verfolgte. Erft als ber Rurfürst von Sannover ben Oberbefehl übernahm und bem General Thungen größeren Ginfluß an den Rriegsunternehmungen einraumte, wurden bie Prangofen gurudaebrangt und neue Bertheidigungelinien errichtet.

Die frieger. Benn in Belgien, wo ber friegstundige Aurfürft von Baiern maltete, wenn Borgange in 1. Der port. in Oberitalien, wo Bendome an ber Spipe ftreitbarer Seere ftand, folieflich Die cafil. Belt- bourbonifch-fpanifche Berrichaft jufammenbrach, wie follte in Spanien Der fran-

göfiche Fürft, "ber erft fürglich als Fremdling in bas verfallene Saus ber Sabsburger eingezogen", ben bon allen Seiten brobenden Angriffen erfolgreichen Biderftand leiften tonnen? Allerdings hatte Philipps V. Regierung in den Gingebornen selbst eine festere Unterlage als in ben fernen Provinzen und in bem herzog von Berwid, dem natürlichen Sohne Jacobs II. Stuart und ber Schwester Marlboroughs, einen friegefundigen Felbheren; bennoch traten auch bier Bechfelfalle ein, die es lange zweifelhaft ließen, welcher bon ben beiden Rronpratendenten schließlich bas Feld behaupten werbe. Der Angriff ging von Portugal aus. Aber in bem fleinen Ronigreich, wo Cadaval, der blutsverwandte Gunftling des hofes mit engherziger Gelbstfucht die wichtigften Bweige des öffentlichen Dienstes verwaltete, wo Bolf und Regierung mit geringer Theilnahme auf ben Madrider Throntampf blidten, mar feine große Rriegsluft ju erwarten. Als das Seer der Berbundeten gegen Castilien aufbrach, beredete Berwid ben König, daß er felbst fich in das Lager begebe: "Denn in Behr und Baffen gekleidet werde die bourbonische Opnastie am eheften und festesten mit ihrem neuen Baterlande verwachsen". Un der Sierra Estrella trafen die Armeen aufeinander. Es war ein wunderlicher Anblid: mabrend die englischen Bulfs. truppen unter zwei Sugenotten, Schomberg und Galway (Rubigny) porrudten, fab man bei ben Portugiefen die Statue bes beil. Antonius, ben die Soldaten als Mitftreiter und Bortampfer verehrten. Der Feldzug brachte teine Enticheibung. Dant den trefflichen Anordnungen bes Marques das Minas aus dem um das Baus Braganza hochverdienten Geschlechte ber Grafen von Prado mußte Berwid, als die Junihite bas Land austrodnete und Fieber erzeugte, ben Rudzug nach Caftilien antreten, von bem Beinde bis zur Grenze verfolgt.

Diese Borgange im Besten und die gleichzeitigen Parteiumtriebe in ber 2. Grobe hauptstadt, die eine borübergebende Berweisung ber Fürftin Orfini bom hof Gibraltar. herbeiführten, nahmen die Thatigkeit der Regierung fo fehr in Anspruch, daß fie barüber die Bertheidigungsanstalten in den andern Landestheilen außer Acht ließ. Daburch murbe es ber Flotte ber Seemachte möglich, an ber Landfpige an-Bulegen, auf beren felfiger Bobe die Feftung Gibraltar liegt. Bahrend die Ginwohner ihre Beiligen um Bulfe anflehten, bemachtigten fich die Englander unter dem Admiral Roote durch einen tubnen von dem Landgrafen Georg von Seffen-Darmftadt gludlich vollführten Sandftreich ber wichtigen Seeftadt und nahmen 3. Mus-Befit von berfelben, "nicht im Namen bes beutschen Ronigs, ben fie berbeigeführt hatten, fondern fogleich im Ramen ihrer Rönigin." Die frangöfische Armada unter dem Oberbefehl des Grafen von Loulouse, eines natürlichen Sohnes Ludwigs XIV. und der Frau von Montespan, wollte die Berrichaft der Meerenge, die an den Befit von Gibraltar geknüpft mar, nicht fahren laffen und machte auf ber Bobe von Malaga einen Angriff auf die feindlichen Geschwader. Die Schlacht blieb 21. Aus. unentschieden; Jedermann erwartete eine Biederholung ber Action. Aber ber frangofifche Graf, sonft ein tuchtiger und feiner Stellung gemachfener Mann,

betroffen über die fichere Haltung ber Gegner, magte tein zweites Bufammen treffen aus Furcht vor der unfehlbaren Ungnade im Falle eines Diflingens. Er segelte nach Loulon zurud. So behaupteten sich die Englander in der wich tigen Seefestung. Bergebens machten die Frangosen und Spanier mabrend bet Binters und Frubiahrs mehrere Berfuche, fie baraus zu vertreiben; berfelbe heffische Landgraf, der die Eroberung bewirft hatte und zum Befehlshaber eingefest worden war, verftand es auch durch Schuswerte und militarifches Gefcid bie Stadt zu vertheidigen.

3. Die Ber-bunbeten in

Diefes Ereigniß wirkte auf ben Often ber Salbinfel gurud. Die Catalonier Barcelona hatten noch nicht vergessen, wie gewaltthätig und übermuthig die Castilianer einft ihre Borfahren behandelt hatten, und bis jur Stunde maren die alten Fueros, Die ihnen Philipp IV. entriffen, noch nicht guruderstattet worben. Sie mochten hoffen, daß man jest in Madrid nachgiebiger fein wurde. Allein nach der Entfernung der Orfini, welche ben bourbonischen Thron auf eine nationalspanische Bartei grunden wollte, mar die frangofifche Camarilla, an ihrer Spite ber übermuthige leichtfertige Bergog von Gramont, Ludwigs Gesandter, einflugreicher als je. Das spanische Reich sollte als Nebenland der Krone Frantreich beberricht werben; die ftanbischen Institutionen bergustellen ober gar die ftaaterechtlichen Befonderheiten der großen Provingen ine Leben gurudgurufen, meinten fie, wiberftrebe den bourbonischen Traditionen und ftebe im Biderspruch mit der Regierungsweise ber früheren Ronige, beren Rachfolger und Erbe Philipp V. sci. Ein Abgeordneter ber Stadt Barcelona, ber Gefandtenrechte in Anspruch nahm, wurde ins Befangniß geworfen. Als die Orfini durch den Ginfluß ber flugen und willenstraftigen Ronigin Marie Louise von Savoyen, die ein frangofischer Minister spottend aber gutreffend als "Staatsmann von fechzehn Sahren" bezeichnete, wieder nach Madrid zurudtehrte, hatte in den öftlichen Landichaften Die Mifftimmung bereits Burgel geschlagen, hatten Parteiganger ber Allierten die habsburgischen Shupathien zu weden gewußt. Man wartete in Barcelona nur der Ankunft eines englischen Geschwaders, um fich für den habsburger Pratendenten zu erklaren. Rarl war gerade damals in Liffabon in unerfreulicher Lage. Don Bebro, frant und von der Racht des Trübfinns umfangen, konnte fich zu teinem mannlichen Entschluß aufraffen; ber portugiefische Amtsadel war beleidigt durch den Hochmuth und das anmagende Auftreten Liechtensteins, der ben Erzherzog immer noch ale feinen Bögling anfah; ber Thronbewerber felbft, von Natur langsamen Beiftes, murbe überdies burch die vorsichtige Politit bes Biener Hofes von allen gewagten Unternehmungen zurudgehalten. Um diese tragen Clemente in Fluß zu setzen bedurfte es eines aktiven romantisch angelegten Mannes. Einen folden erhielt bie englische Schiffmannschaft in bem tubuen hochbergigen mit allen Saben reich ausgestatteten Lord Peterborough. Rachbem 28. Juli er in Liffabon ben beutschen Pratendenten, in Gibraltar den thatfraftigen Georg von Darmstadt an Bord genommen, segelte er nach Catalonien. In Denia, mo

die bourboniche Bejagung des Schloffes durch einen Ueberfall der Eingebornen entwaffnet worden, murbe ber Sabsburger als Ronig Rarl III. von Spanien !!. Aug. ausgerufen. Darauf entwarf man ben Blan, fich ber Burg Montjuich, ber bochgelegenen Citadelle von Barcelona zu bemächtigen. Es war ein fühnes Unternehmen, das dem tapfern Landgrafen das Leben tostete. Endlich gelang das Bagnif ; Die Bergfestung wurde erfturint und der Befehlehaber Graf Belasco au einem Bergleich gezwungen, fraft beffen die Seeftadt gegen freien Abzug ber Eruppen und der bourbonifch gefinnten Burger und Beamten ben Berbundeten 14. Dtt. übergeben ward. Um 24. Oftober nahm Ronig Rarl III. die Suldigung der catalonifchen Sauptstadt entgegen, wobei er versprach, die alten Rechte und Freibeiten bes vereinigten Ronigreichs Aragonien berauftellen und zu beobachten.

Die Runde von biefen Borgangen burchlief in Bindeseile bas gange Land und gewann bem Sabsburgifchen Ronig Unbanger in Menge. In ben meiften Orten ging das Regiment an Junten aus feinen Parteigenoffen über. In Balencia und Aragonien hatte die aufftandische Bewegung manche von Sas und Rache eingegebene Blutthat jur Bolge. "Als Auflösung jeber Staatsordnung braufte die Revolution des spanischen Oftens einher." Bugleich umlagerte im Beften ein portugiefifchefeemachtliches Beer bie Grengfeftung Badajog. Der tubne Beterborough wollte einen gleichzeitigen Bormarfc nach der hauptftadt Madrid in Gang fegen. Anfangs gebruar bielt er mit geringer 4. Febr. Rannfchaft feinen Gingug in Die geschmudte Stadt Balencia, nachdein er die Befatung 1766. der Bergfeftung Murviedro, mo die Trummer des alten Caftells von Sagunt fich in ben Bluthen des Mittelmeeres fpiegeln, durch Lift getauscht und gur Raumung bes Plages gebracht.

Dit bem Frühling tamen jedoch neue Gefahren über Catalonien. Bud Das bongwig XIV. hatte feinen Entel angefeuert, "eber bas Leben als bie Krone einzu- jum Abjug bugen." Philipp raffte baber fo viele Truppen aufammen als er aufaubringen gewungen. vermochte und rudte felbft in bas aufftanbifche, von Banden burchzogene Land ein, um mit bem Marschall Teffé, ber eine Armee von 18,000 Frangofen von den Porenaen heranführte, fich zu verbinden. Bugleich murbe die Flotte bes Brafen von Toulouse vor Barcelona fichtbar. Die Erfolge des vorhergebenden Sahres ichienen verloren: Beterborough litt Mangel an Geld und Mannichaft; die Insurgenten waren zwieträchtig und ohne Kriegeluft; Rarl III. in Barcelona wenn auch ftandhaft und ausbauernden Muthes, boch ohne Unternehmungsgeift. Schon hatte Teffé das Fort Montjuich wieder in seine Gewalt gebracht und fich ben Ballen ber Sauptftadt genähert. Ein gleichzeitiger Angriff von ber Land. und Seefeite ftand in nachster Aussicht: ba fab man eine englische Flotte mit vielen Ranonen und Landungstruppen verseben beransegeln. Der Graf begab fich fofort an Bord und übernahm den Oberbefehl. Schon hatte er alle Borbereitungen zu einer Seeschlacht getroffen, als ber frangofische Abmiral, Die Gefahr ertennend, den gunftigen Bind benutte, um nach Toulon gurudgufahren. 8. Mai 1706. Bon einem Sturm auf Barcelona fonnte nun feine Rebe mehr fein. Bielmehr fürchtete ber frangofische Marschall, ber in seinem Lager weilende bourbonische

Ronig mochte in Gefangenichaft gerathen, wenn Peterborough jum Angriff fchritte und die Insurgentenbanden ihm Beiftand leifteten. Er gab baber gleich: 12. Mai falls Befehl jum Rudzug. Umschwarmt von den aufftandischen Catalonen und Aragoniern jog bas frangoffiche Beer, ben bourbonischen Konig in ber Mitte ben Borenaen gu. Bon Bervignan aus begab fich bann Philipp V. auf großen Umwegen nach Madrid gurud. "Unsere beiben Konige, schrieb Madame de Maintenon, ftugen Religion und Gerechtigkeit und find bennoch ungludlich, Die Begner, welche Religion wie Gerechtigkeit befeinden, triumphiren : Gott ift Berr und Meifter"!

Mabrib unb

Baragoffa in Do jonen berin ung Spannen wie Rachftem nach Frankreich zurudtehren ben Ganben berloren ju fein. Dan glaubte, er wurde mit Rachftem nach Frankreich zurudtehren ber Bers muffen. Denn wenige Bochen nachher zog das portugiefisch-feemachtliche Deer von 25,000 Mann, bem Bermid nicht über 10,000 frifd geworbene Spanier entgegen 2. 3mii 1706. ju ftellen batte, in die Sauptftadt Caftiliens ein, nachdem Konig, Sof und die Spipen der Behörden fich nach Burgos geflüchtet. Um dieselbe Beit erflärte fich Baragoffa fur den Erzherzog und lud ibn ein, in der alten Sauptstadt die Suldigung des Landes entgegenzunehmen. Beterborough und die heerführer in Caftilien lagen ihm an, in Madrid felbft feinen Sit aufzuschlagen.

So fdien denn auch Spanien wie die Riederlande und Italien fur den Bourbon

4. Um: fdmung.

Aber die Lage der Berbundeten mar teineswegs so rosenfarbig, als es bem außeren Anschein nach aussah. Rarl III. tonnte fich nicht mit bem englischen Lord vertragen, der eine dictatorische Autoritat in herrischer Beise geltend machte, und dieser stolze Torp verachtete die öfterreichischen Sofleute und Rathgeber des Erzherzogs, die jeden gewagten Entschluß hintertrieben, und ben deutschen Fürften, ber eine breitägige Andachtubung auf Montserrat für dringender hielt als die "Ich bin bes Dienstes in Spanien so mube, wie ein Reise nach Mabrid. Baleerensclave feiner Ruber", fchrieb Beterborough im Unmuth an einen eng-Eben folde Zwietracht herrschte im andern Lager zwischen Galway und das Minas, von denen jeder bas Obercommando ansprach. Die gang anders wirften die ungludlichen Ereignisse auf die Castilianer gurud! Sollte ber bourbonische Ronig, bem fie gehuldigt, verjagt werden und die verhaften Aragonier und Portugiesen in Berbindung mit ben fegerischen Englandern und Sollandern einen Konig nach ihren Bunfchen einsegen? Das nationale Selbstgefühl, ber gange caftilianifche Stolg emporte fich gegen einen folden Gebanten. Alle maren bereit fur ben Mann ihrer Bahl einzustehen; gabilofe Beweise bon Liebe und Anhanglichkeit wurden bem Ronig und ber Ronigin bargebracht; Miligen und Refruten zeigten ben größten Gifer unter bie Fabn: Berwide ju treten, ber bereite bie von Barcelona jurudgefehrten frangofifchen Regimenter an fich gezogen hatte. Gin nationaler Aufschwung ging burch Stadt und Land. In Madrid erhob fich bas Bolt und erschlug die Soldaten, die für bie Anftrengungen bes Feldzugs fich burch Ausschweifungen und robe Ginnengenuffe entichabigten, ju Saufenden; in ben Rirchen und Baufern wurden freiwillige Gaben gesammelt und bem Ronig zur Berfügung gestellt; Freischaaren

bildeten fich in den Provinzen; allenthalben erschalte der Ruf "Tod den öfterreichischen Berrathern"! Bis juni Berbft verzögerte fich ber Abmarfc bes erge berzoglichen Beeres, weil ber Bbig Galway feinen torpftischen Rivalen Beterborough nicht gur rechten Beit von ber Ginnahme Mabride benachrichtigt hatte. Als endlich am 1. September die Bereinigung ber beiben Heerabtheilungen ber Sept. 1708. Berbundeten in Guadalajara erfolgte, mar die Beit verfaumt. Bon bem mobilgerüfteten Beere Bermid's bebrobt, von Infurgentenschaaren nach Beften abgeschnitten, blieb ihnen nichts übrig als der Rudzug nach Balencia. Triumphe zog der bourbonifche Gof wieder in Madrid ein. Mit Begeifterung 27. Det. begrußte das Bolt die Ronigin, die den patriotischen Aufschwung hochherzig unterftust hatte. Und Philipp hatte wenigstens mit taltblutiger unerschütterlicher Rube die Bechfelfalle über fich ergeben laffen, in biefer Gemutheberfaffung, in Diefem refignirten Ernfte feinem Rebenbuhler abnlich. Beterborough ichiffte fic nach Unteritalien ein. Beibe Lords murben in ber Folge megen ihres Berhaltens jur Rechenschaft gezogen. Im April bes folgenden Jahres machten bie Berbunbeten noch einen Berfuch von Balencia aus in Caftilien einzudringen; aber von dem frangofisch fpanischen Beere unter Berwid in dem Busammentreffen bei Almanga gurudgeschlagen, mußten fie das Borhaben aufgeben. Bahrend die 25. Apr. taiferlich-feemachtlichen Guhrer in allen andern Provinzen fiegreich waren, vermochten fie in Spanien allein Die bourbonische Berrichaft nicht zu erschüttern. Die bei Almanga erbeuteten Feldzeichen murden als Trophaen in ber Marienfirche von Atocha aufgehängt. Bergebens versuchte Rarl III., dem fein Bruder frifche Truppen unter bem taufern General Starhemberg nach Barcelona gugefendet, mit Gulfe ber Eingebornen bem bourbonischen Geguer ben Thron von Spanien mit den Baffen abzugewinnen; nur in Barcelona und ben umliegenden Landschaften wurde er als Ronig geehrt, in dem übrigen Land fand ber babsburgische Fürft wenig Sympathien. Der altnationale Begensat zwischen Aragoniern und Castilianern war die stärkste Stütze für Philipp V. Während des Rampfes befestigte fich der Biderstand und Rriegsmuth der Castilianer, wuchs ihre Anhanglichkeit an die bourbonische Onnastie. Mit Begeisterung begruften die Cortes Philipps Sohn als Prinzen von Afturien.

Bis in das füdliche Frankreich übte der nationale Auffcwung der Caftilianer Bereitelter feine moralifche Rraft. Als eine englische Flotte bor Toulon erschien, um unterftust Toulon. von kaiserlicheitalienischen Landtruppen unter Prinz Eugen und Victor Amadeus fich der wichtigen hafenstadt zu bemächtigen und bes mittellandifchen Meeres vollends Meifter zu werben; regte fich unter der provengalifden Bevolkerung der Umgegend, unter Abel und Burgericaft eine folde friegerische Entfoloffenheit, daß die Berbunbeten an der Möglichkeit verzweifelten, angefichts ber militarifchen Bertheibigungsanftalten bes Marfchalls Teffe und der friegemuthigen Saltung der Bevolterung einen erfolge reichen Angriff von Guden ber durchführen ju tonnen und den Blan aufgaben.

In England nahm man es fehr ungunftig auf, bag bie Flotte mit fo großem Die Stim- mung in Gifer ben continentalen Dingen nachging und badurch ben frangofisch-spanischen England un.

# 816 G. Das achtzehnte Jahrh. in den vier erften Jahrzehnten.

Schiffen Gelegenheit gab, Die Handelsverbindungen in Beftindien und Gudamerita um fo erfolgreicher ju pflegen und auszubeuten. Gelbft in ihren eigenen Meeren erlitt die englische Sandelswelt manchen empfindlichen Schaden burch frangofifche Rreuger, die bon Breft und Duntirden aus Jagd auf Rauffahrerfdiffe machten. Und noch fühler war die Stimmung der Generalstaaten und ber Amfterdamer Großhandler für ben Rrieg. Bir wiffen, wie schwer es schon bisher bem Oberfeldherrn Marlborough gefallen war, die Republit bei ber Alliang mit England und bem habsburgischen Raiserhaus zu halten; nur bem Ginfluß bes verftanbigen, rechtschaffenen und geschäftserfahrenen Großpenfiongrius Beinfius, ber bei ber Bolitit Bilbelms III. treu beharrte, mar es zu verdanken, daß Holland ju Land und jur See bei der gemeinsamen Fahne blieb, so sehr auch die bochmogenden Berren mit Sorge und Unrube auf die wachsende Seeberricaft des verbundeten Inselvolles bliden mochten. Und gerade damals tam ein Bert zu Stande, das mehr als alle bisberigen Staatsactionen bem britifchen Reiche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Machtftellung zuwies, ibm ben Charafter eines Grofftaats aufdrudte - die Union Schottlands und Englands au einem Königreich Großbritannien mit einem gemeinsamen Barlamente.

Costilanb Mit wie viel Bathos immer die alticottifche Bartei die religiofen Gegenfage, die mit England wit wie viel pargow immer die unigotiligen Beinnerungen vergangener Beiten, die Chre eines selbsvereinigt, nationalen und geschichtlichen Erinnerungen vergangener Beiten, die Chre eines selbsvereinigt nationalen und geschichtlichen Etaatswesens in die Redeschaachten führte; wie sehr die alten Covenanters der Taufende von Auserwählten gedachten, "Die als Blutzeugen des unberfälfchten Gotteswortes ju gelbe gezogen, um fei es auf ber Bablftatt ober auf bem Richtplay die Krone des Lebens davonzutragen"; wie fehr Jacobitische Sauptlinge ber Bochlande an die alte Treue erinnerten, welche das fcottifche Bolt feit Sahrhunderten an das Saus Stuart gefnupft; wie ergreifend immer patriotifcher Barticularismus die schmachvolle Stellung bes Baterlandes schildern mochte, went es im Dienste bes Radbarvolts in den Rrieg gieben und die öffentlichen Laften tragen muffe : die modernen Anschauungen gewannen den Sieg über Romantit, confessionelle Glaubigkeit und gemuthliche fleinburgerliche Ibealitat. Die Erwägung, welcher Butunft Schottland

gefchloffen wie eine verodete Ruine in einfamer Abgefchloffenbeit daftebe, hatte mehr Bewicht als der Ruhm der nationalen Gelbstherrschaft. Ran erkannte, daß Schottland nur gedeihen tonne wenn es vereint mit England in ben bollen Lebensftrom eintrete; und die baterlandischen und berftandigen Manner, die unerschüttert durch die leidenfcaftliche Aufregung der gegnerifden Bolteflaffen in dem fcottifden Barlament, das 3an, 1706 bom Robember bis Januar jum lettenmale in Chinburg tagte, die felbftaatliche Ber-

Mov. 1706

entgegengebe, wenn es im Belthandel überholt, von felbständigem Colonialbefit aus-

nichtung beschloffen, um den großbritannischen Ginbeitestaat ju grunden, haben der Belt ein anerkennenswerthes Beifpiel bon Gelbftüberwindung gegeben. Dem Unions. vertrag, wonach der durch das Erbrecht berufene Ronig über ben großbritannifchen Ginheitsftaat herrichen und die Bertreter der icottischen Ration forthin in dem Barlament ju' Bestminfter ihren Sig haben und abstimmen follten, mar eine "firchliche Schugafte" beigefügt, bas die fcottifche Staatstirche in ihrer Integritat und Unabhangigkeit erhalten bleiben follte.

Dem König von Frankreich waren diese rivalifirenden Interessen der beiden Bubmige Bergleiches Seeftaaten nicht unbefannt und er versuchte die fruber fo oft erprobten Runfte, vorf durch diplomatische Unterhandlungen in die schwach überdeckten Fugen einen wiesen Reil zu treiben, die Bereinigung burch Separatvorschläge zu trennen. Daß er seinem Entel die spanische Gesammtmonarchie verschaffen tonne, burfte er taum mehr hoffen nach ben schweren Schlagen bes letten Jahres, bei der großen Ericopfung bes eigenen Reiches. Er tam auf die alten Theilungsgedanten gurud. Bie er burch feinen Bevollmächtigten d'Avaur ben regierenden herren im Saag andeuten ließ, wollte er auf Spanien verzichten und felbft die Rieberlande ber Entscheidung ber Generalftaaten überlaffen, wenn feinem Entel nur die fpanischen Befitungen in Italien berblieben und ber Aurfürst von Baiern wieber in sein Land eingeset wurde. In Holland war man nicht abgeneigt, auf Grund dieser Borfchlage in Friedensverhandlungen einzutreten; auch in England, wo man über die Unfälle in Catalonien und vor Toulon betroffen war und die Parteien mit großer Leidenschaft einander betämpften, wo man fogar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spanischen Borgange einleitete, wurde die Kriegspolitik heftig angegriffen. Defterreich wollte von teinem Rachgeben boren und fowohl die beiben fiegreichen Feldherren als Beinfius waren der Anficht, man muffe die Lage benuten, um Frankreichs Borberrschaft zu brechen und ein politisches Gleichgewicht auf bauernder Bafis in Europa berauftellen. Ein fpanischer Ronig aus dem Saufe Defterreich, ber nur mit fremder Sulfe fich auf bem Thron behaupten tonne, war nach ber Meinung ber leitenden Staatsmanner in England und Holland die ficherfte Bürgschaft für eine friedliche Ordnung in Europa. Marlborough begab sich nach London, um die Ronigin und die Minifter gur Fortfetung des Rrieges gu bestimmen. Er erreichte sein Biel. Ein Manifest wurde erlaffen, worin es bieß: "Rein Friede werde ficher und ehrenvoll fein, wenn nicht bas Haus Defterreich in den Befit der gesammten spanischen Monarchie gelange." Lord Stanhope übernahm den Oberbefehl über die englischen Truppen in Spanien, die den habsburgifchen Konig in Barcelona aufrecht halten follten. Die Englander betrachteten ihn als ein Geschöpf von ihrer Sand und suchten aus ber Lage ben größtmöglichen Bortheil fur fich felbft zu ziehen. Gie bemachtigten fich ber Insel Menorca und nahmen die Safenstadt Portmahon in eigenen Besit; sie nothigten Rarl III. ju einem Sandelstractat, fraft deffen bei ber Festsegung ber Gingangegolle auf britifche Baaren eine Commission mit ber fpanischen Regierung jusammenwirten, ber ameritanische Sanbel in die Sande einer fpanisch-englischen Compagnie übergeben follte mit Ausschluß jeder frangösischen Concurreng.

Ludwig XIV. gab die Hoffnung nicht auf, burch neue triegerische Un- Rene Rriegestrengungen wieder das Feld zu gewinnen und die gesunkene Kriegsehre herzu- benarbe. stellen. Roch waren die Frangofen im Befit eines großen Theils der spanischen Rieberlande: Bruffel, Gent, Brugge maren noch in ihren Sanden, in gang Flandern und Brabant herrschte eine verbitterte Stimmung gegen die hollandische

Bermaltung; man hatte bort bie Frangofen als Befreier von bem verhaften Joch ber calvinischen Rachbarn mit offenen Armen empfangen. Auch in Schott: land regte fich die Oppositionspartei gegen die Union, die so eben die Bestätigung im Barlament gefunden batte. Benn es nun gelang, burch Unterftugung ber Sacobiten ben Engländern im eigenen Lande Reinde zu erweden, und augleich in Belgien wieder feften fuß zu faffen, fo tonnte leicht eine Lage geschaffen werben, welche die Berbundeten jum Rachgeben zwang. In Berfailles wurde baber beschloffen, ben Sohn bes verftorbenen Stuart, der in Frankreich als Ronig Jacob III. anerkannt war, mit einigen Tausend Mann Landungstruppen von Duntirchen aus nach den Bochlanden fegeln zu laffen, um dort bie ftuart'. ichen und frangönichen Sympathien zu weden, und zugleich ben Marichall von Bendome und ben Cohn bes Dauphin, ben Bergog bon Bourgogne mit betrachtlichen Streitfraften nach ben Rieberlanden gegen Martborough zu fenden. An der Mojel follte der maffentundige Berwick ben Prinzen Engen bon dem beabsichtigten Ginmarich in Lothringen abhalten und Max Emannel ben Oberrhein gegen die Reichsarmee unter bem Rurfürften bon hannober huten. Aber es geschah anders als man gewollt und gehofft batte. Die Stuartiche Expedition tam nicht zur Ausführung, weil bie Abfahrt fich verzögerte, bis bie englische Flotte das Auslaufen numöglich machte; in den Riederlanden erwies fich bie Aufstellung zweier Gelbherren als bochft nacheheilig, weil ber tonigliche Pring auf eigene Sand operirte und ben Anordnungen des Dberbefehlshabers Benbome nicht immer Rolee leiftete. Bor Allem aber hatte man nicht in Anfchlag gebracht, daß man es mit zwei genialen Feldherren zu thun habe, die fcon einmal burch ihr Bufammentvirken eine unerwartete Wendung in ben Rriegsgang gebracht batten. Dies wiederholte fich jett. Babrend Berwick einen Angriff Engens gegen Bothringen erwartete, eilte biefer mit einigen Schwabronen Sufaren an die Schelde und vereinigte fich mit Marlborough. Die Anwesenheit bes gefeierten Feldmarichall floste ben Truppen Muth ein und richtete ben fleinmuthigen gefuntenen Geift bes Baffengefährten auf. Diefem eintrachtigen Busammengeben ber verbundeten Beerführer war es besonders guguschreiben,

Infammengegen der verdunderen Heersuhrer war es bejonders zuzuschreiben, 11. Juli daß die Schlacht bei Oudenarde, wo sich der Marschall und der Prinz nicht über einen einheitlichen Schlachtplan zu einigen verwochten, für die Franzosen verloren ging, daß im Laufe der nächsten Monate die Festungen Lille, Gent, Brügge sich ergeben mußten und daß ganz Flandern und Bradant der Gerrschaft der Seemächte und Oesterreichs von Renem unterworfen wurden. Auch Berwick und der Kursürst, welche der geschlagenen Armee neue Berstäufungen zusührten, vermochten das Berlorne nicht mehr zu gewinnen, zumal da die Stimmung der Sinvohner mit den Erfolgen der Berbündeten umschlug, an die Stelle des kriegerischen Ausschaft zucht und Riedergeschlagenbeit trat.

Lenbw. XIV. Diese Unfalle des Sahres 1708 vernichteten die letten Goffnungen Ludwigs, suns und da auch noch eine unerhört ftrenge Winterfalte, die bis in die Frühlings-

Lag- und Rachtgleiche andauerte, Bunger und Rrantheiten erzeugte, eine barauf folgende Migernte ben Landmann an ben Bettelftab brachte und die Minister eine Fortfepung bes Rrieges für unmöglich erflarten, fo mußte Ludwig fich ju Demuthigungen verfteben, die in fein ftolges Berg tiefe Doldftiche bobrien. Ge waren die schwerften Stunden seines Bebens. Begen feine außere Umgebung wußte er wohl noch immer Gelbstgefühl und Buverficht zu bewahren, aber in Segenwart der Frau von Maintenon bat er zuweilen Thränen vergoffen. Und wahrlich die Forberungen, welche die alliteten Machte, beren Bolitit bamals burch die drei Feldherren und Staatsmanner in fouveraner Weife und eintrachtigem Busammenwirken geleitet wurde, an ben Monarchen in Berfailles ftellten, waren fo weitgebend, daß alle Errungenschaften feiner bergangenen Unftrengungen dadurch vernichtet worden waren. Man verlangte von ihm die unbedingte Entfagung auf bas pyrenaifche Konigreich, auf die fpauifchen Riederfande, auf Mailand, auf die Beftyungen in Beftindien und Subamerica. Umfonft machte Ludwig durch Torcy den Generalftaaten große Bugeständniffe, um fie zu einer Smaratubereinkunft und zu einer Trennung bon ber Alliang an bewegen, umfonft fucte er ben Bergog bon Mariborough, beffen Babfucht und Geldgier befannt war, durch verlodenbe Anerbietungen zu gewinnen, wenn man feinen Entel nur im Befit von Reapel und Sicilien laffen wurde; Die "Triumvirn" hielten in ungefcwächter Gintracht zufammen, Die gefammte fpanifche Monarchie follte an Karl III. übergeben. Ja als bie Berfailler Regierung fich geneigt zeigte, fogar auf diefer Bafis in Friedensunterhandlungen einzutreten, wurden neme Forberungen gestellt, felbst Elfaß mit Strafburg, felbst die Freigrafichaft, wo Rund. gebungen für die Rudführung des alten Regiments im Bolte hervortraten, felbft die lothringischen Bisthumer, felbst die Festungen Conde und Balenciennes follten berausgegeben werben. In England fprach man babon, bag man ben frangöfischen Ronig zwingen muffe, ben Stuartichen Pratenbenten aus feinen Staaten zu meisen, die Feftungswerte von Duntirchen zu schleifen, den Sugenotten ihre alten Rechte gurudangeben. Wie tief ebedem in ben Beiten feines Glud's und seiner Größe ber frangofische Gewalthaber burch Stolz und Uebermuth die anbern europäischen Machte berlett haben mochte, jest wurde ihm in vollem Rabe vergolten. Er mußte ben Becher ber Demuthiaung bis auf ben Grund leren. Im Lager ber Berbanbeten sprach man bavon, bag man die Baffen in bas Berg Frankreichs tragen, in Berfailles ben Frieden bictiren muffe. Torch verlangte einen zweimonatlichen Baffenstillftand, um auf Grund ber von ben Allitrten geftellten Forberungen einen Friedensichluß zu Stande zu bringen; Die drei gebietenden Berren, nicht zufrieben mit ber Busage, bag dem Ronig von Spanien jebe Bulfeleiftung von Geiten Frantreiche entzogen werden folle, wollten bie Baffeneluftellung nur unter ber Bedingung gemähren, bag Ludwig seinen eigenen Entel entihrone, daß er bemfelben nicht nur jeben Beiftand verfage, sondern ihn aus Spanien vertreiben belfe. Frangöfische Truppen sollten mit ben

Berbundeten bereinigt ben Sabsburgifchen Ronig auf den Thron von Mobil Bu foldem Grad ber Schmach und Entehrung tonnte Ludwig nicht gebracht werben. Stand benn nicht in Flandern noch ein tampfbereites ben unter Billars, einem Feldherrn, der bei allem großsprecherischen Befen und rauberischen Gigennute boch auch militarische Salente besaß und Die Solbaten in Ordnung und Bucht zu halten wußte? Go wurden denn die ehrenfrankenden Unmuthungen gurudgewiesen und ber Rrieg nahm feinen Fortgang. Gin Aufmi an das Bolt, den Ludwig durch die Statthalter veröffentlichen ließ, wedte den Rationalftolz ber Franzosen und machte fie zu neuen Anstrengungen willig. 11. Sept. Bald tam es unweit Doornit zu der morderischen Schlacht von Malplaquet, die zwar unentschieden blieb und sowohl in Rudficht der trefflichen Führung und Anordnung als der tapfern Saltung der Truppen die militarische Ehn Frankreichs unverlett erhielt, aber furchtbare Berluste zur Folge batte, welche besonders das erschöpfte Frankreich auf das Empfindlichste trafen. Billars murde bermundet weggetragen und mußte den Oberbefehl an den alten General Boufflers abgeben: 33.000 Leichen und Bermundete lagen auf bem Baffenfelde umber. Und obwohl auch die Berbundeten fo geschwächt waren, daß fie außer der Eroberung von Mons teine Früchte aus der blutigen Action ernten konnten, is ichien es boch, als ob Frantreich ben Rrieg nicht langer fortzufeten bermochte, als ob es ben Frieden unter jeder Bedingung annehmen mußte. Schon lieb Ludwig seinem Entel durch den Herzog von Roailles den Rath ertheilen, um ben Breis von Sicilien und Sardinien dem spanischen Thron zu entsagen, ebe er mit Gemalt vertrieben und in die Dunkelbeit des Brivatlebens gurudgeftoken muide; auf Frankreichs Beistand tonne er nicht mehr rechnen. Selbst die Fürftin Orfini wurde angewiesen im Sinne einer Berzichtleistung zu wirken. Da traten unerwartete Creigniffe ein. Es war als wollte die gottliche Strafgerechtigkeit nunmehr

# 4. Umschwung und Friedensschlüsse.

Bie hatte fich im Binter von 1709 auf 1710, während beffen in Gertmi-

auch ben Uebermuth ber Andern zuchtigen, auf daß ber Menfch Maßigung lerne.

nach ber denburg die Berhandlungen zwischen den Berbündeten und Frankreich fortgeset Schlacht von Malplaquet. wurden, die Lage Europa's geändert! Der eine Habsburger in Wien hatte sein Ansehen im Osten aus Reue begründet, hatte sich das Bertrauen der evongelischen Stände und der Reichsfürsten erworben, hatte in Italien die kaiserliche Autorität wieder aufgerichtet und den Papst zum Rachgeben gezwungen, hegte die Hossinung, den Elsaß und alle entfremdeten Orte am Oberrhein seinem Haus oder dem Reich zurückzugewinnen; sein Bruder stand im Begriff die gesammt spanische Monarchie, selbst gegen den Willen der Ration davonzutragen. Es schien als ob die Geschicke Europa's abermals von dem Hause Habsburg gelent, Frankreichs militärisches und politisches Uebergewicht für alle Zukunft erschüttert

Die Lage

werben follte. Gelbft bie von Colbert gegrundete, von geschickten Abmiralen in die Bobe gebrachte Seemacht ftanb in Gefahr, wieber zu ihren Anfangen gurud. geworfen zu werden, seitbem England im Befit von Gibraltar und Port Mahon das Mittelmeer beherrschte und im Bunde mit Holland in den americanischen und indischen Gewässern das Regiment führte und die Gelb. und Baarenmartte inne hatte! Benn der frangöfische Konig, wie er fich erboten, die hollandische Barrière in den belgischen Grenzstädten in ausgedehntem Umfang berftellte und durch Riederlegung ber Restungswerte von Duntirchen ben Caperschiffen ben Rudhalt benahm, so war auch der Canal und die Republit Solland gegen jeden Anariff ober Ueberfall von Seiten Frantreichs gefichert. Auch in Spanien ichien die Sache Habsburgs zu triumphiren, seitdem das englisch-beutsche Beer zwei Schlachten gewonnen und Baragoffa wieder in seine Gewalt gebracht hatte.

bonifden Dynastie ein. Ermuthigt durch feine Erfolge beredete Lord Stanbope den habsburgischen König zu einem zweiten Bug nach Mabrid; benn nur in Castilien

tonne die foliefliche Entscheidung gefällt werden. Er wollte jugleich eine Bwangs. anleihe ausschreiben, burch welche er die Bevolkerung an ben neuen Ehron zu feffeln hoffte. Birklich drang das heer der Berbundeten ohne Widerstand nach Madrid vor und Rarl III. Konnte als Ronig von Spanien feinen Sig in dem Luftfchloß el Bardo nehmen, mabrend Philipp V. und fein fof in Balladolid weilte. Aber die Beiden von Anhanglichteit und Lovalitat, welche bem bourbonischen König von allen Seiten ju Theil wurden, hielten auch jest noch feine Soffnungen auf einen erfolgreichen Aus-

gang aufrecht und gaben ihm die Festigkeit, die fleinmuthigen Rathichlage von Berfailles jurudjuweisen. Bie erftaunten die Berbundeten, als fie die Strafen der Sauptftadt fo verödet und menschenleer fanden! Alle Granden und angesehenen Burger maren dem Bourbon, ben fie als ihren rechtmäßigen Ronig berehrten, nach der neuen Refidens gefolgt. Stanbope fand Riemand, den er ju dem beabsichtigten Anleben batte berangichen tonnen. Und wie emporte fich der ftrengfirchliche Sinn der Beiftlichkeit und der Bevollerung, als fie tegerifche Bande die Beiligthumer tatholifder Rirchen antaften faben! Unter folden Umftanden fiel es bem energifden und erfahrenen Marfchall Bendome, ben Ludwig trop ber eigenen Bedrangniß feinem Entel jugefandt hatte, nicht fcmer, in Aurgem ein spanisches Seer bon 20,000 Mann unter feiner gabne gu fammeln und die Berbundeten zum Rudzug nach Aragonien zu nöthigen. Rafch folgte Bendome begleitet bon dem Bourbon den abziehenden Feinden auf dem Fuße nach. Er ereilte querft bie Abtheilung Stanhope's bei Bribuega und nothigte ben englifden

berführer nach tapferfter Gegenwehr zur Ergebung. Darauf marf er fich auf Star-

bemberg und brachte bei Billa Biciofa auch diefen geschickten Felbherrn so febr ins 10. Decbr. Gedrange, daß er mit Burudlaffung feines Gefduges eilends das befreundete Catalonien ju erreichen fucte. Philipp V. tonnte wieder in Baragoffa einziehen, indes Karl III. auf Barcelona und Tortofa befdrankt blieb. Mit Recht wurde Bendome, als er anderthalb Jahr später in Catalonien ftarb (11. Juni 1712) im Pantheon

des Escorial beigefest.

Die Botschaft von diesen unerwarteten Erfolgen im Phrenaenlande traf Die Bofcas Ludwig XIV. auf ber Jagd. Sie war wie bas erfte Morgenroth nach einer vollt. Epfurmvollen Racht. Er lobte die mannliche Haltung seines Enkels; in St. Chr in London.

Aber in dem Phrendenlande trat bie erfte Bendung jum Bortheil ber Bour- Bechfelfaffe

ließ Frau von Maintenon die jungen Damen bes Stifts einen Lobgesang an stimmen. Und in der That war es auch das Morgenroth, das für Frankreich beffere Tage anfundigte! Denn zu gleicher Beit war in England eine Beranderung eingetreten, welche bie bisberige Bolitit tief erschütterte, und in Defterreich ftellte bald barauf ein rascher Tobesfall bie gange Alliam in Frage. - Bir wiffen, baß Rönigin Unna, in beren Seele bie Stuartiden Befühle und Ibeen nicht erftidt waren, ftets große hinneigung zu ben Tories und hochfirchenmannern begte, und daß nur der Ginfluß der Lady Marlborough und die friegerifden Erfolge ihres Gemahls fie allmäblich bahin gebracht batten, ben Bhiglords in ihrem Ministerium eine borwiegende Stellung einguräumen, ohne jedoch bas Ruber ausschließlich in ihre Bande zu legen. Sie mar ber Meinung, Die fürstliche Go walt durfe nie einer Partei bienen, sondern muffe ein Bleichgewicht erhalten, um über Allen als "Gebieterin" zu berrichen. Auch Marlborough ftellte fich nicht entschieden auf die eine ober andere Seite; auch er glaubte am fichersten zu geben, wenn die Regierung von gemäßigten Mannern beiber Fractionen geleitet wurde. Seine staatsmannische Gewandtheit und seine Feldzuge, "bon benen jeder nachfolgende ein Ruhmgefährte bes vorhergebenden war", sicherten ihm boch eine gebietende Stellung. Run geschah es aber, daß die Bergensneigung zwischen Anna und ihrer erften Chrendame mit ber Beit ertaltete, daß ber Ronigin der Gegenfat ihrer eigenen Besinnung zu ben religiösen und politischen Ansichten ber Bergogin immer mehr zum Bewußtsein tam und bag bas ftolze und anmagenbe Auftreten ber Laby ihr zulet unerträglich ward. Fraulein Bill, Die Schwester eines verbienten Militars, die fich mit Lord Masham vermählte, gewann Anna's Liebe und Bertrauen und arbeitete ber bochfahrenden Bergogin entgegen. Seit ber Union hatte der Barteieifer einen hoben Grad von Aufregung erlangt; bas bochtirchliche Gefühl trat immer ichroffer auf ben Rampfplat gegen die freieren Rich tungen, gegen ben Latitubinarismus ber Rieberfirchlichen, gegen Bresbyterianer und Diffenterthum; in Schrift und Rede wurde bas Pringip bom leibenden Behorsam von Neuem ins Feld geführt; die Jacobiten und Legitimiften befriegten in jeder Art die whigistischen Grundsate. Die vermehrten Auflagen für ben Rrieg, welche besonders schwer auf die Landeigenthumer brudten und augleich bie Staatsichuld mit jedem Jahr in Die Bobe trieben, fteigerten Die Unaufriedenbeit mit bem berrichenben Regiment und die Aufregung ber Gemuther. Unter folden Umftanden wird es begreiflich, wie ein Streit ber Ronigin mit ber Bergogin und eine baran gefnüpfte Rabale nicht nur die Ausschließung ber Laby Marb borough bom Bofe, fondern einen Spftemwechsel in der Regierung, eine Ummanblung ber bisherigen Politit gur Rolge haben tonnte. Durch die Intrigum ameier Staatsfecretare, bes hochfirchlichen torpftifchen Robert Barlen und bes Lord St. John, "bes geiftreichsten geschickteften aber jugleich gewiffenloseften Mannes seiner Beit", murde die Ronigin bahin gebracht, bas fie bie eifrigften Anhanger Marlboroughs, ben jungeren Sunderland und Godolphin aus dem

Ministerium entfernte und bie Leitung ber öffentlichen Dinge ben Tories übertrug. Die Leiter bes neuen Cabinets, ber Lordfangler Barley (Graf Oxford) und benry St. John, in ber Folge Lord Bolingbrote, munfchten nunmehr die Beendigung bes Krieges, um den Bergog von Marlborough, bem fie aus Rudficht auf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und die hohe Bollsgunft den Oberbefehl über bas heer nicht gang zu entziehen magten, entbehrlich zu machen und ihn bon jedem Einfluß auf ben Bang ber Staatsgeschäfte an entfernen. Sie gaben daber im größten Geheimniß bem frangofischen Minister Torch einen Bint, bas man in England einem friedlichen Uebereinkommen nicht abgeneigt fei. Wie freute man fich in Baris über eine folche Ausficht!

Das Borhaben der Cories murde mefentlich gefördert burch die Rachricht, Der Pronbaß Raifer Joseph I., ber eifrigfte Forberer bes Rriegs gegen bie Bourbons, Defterreich. ploplic ohne mannliche Rachtommenschaft gestorben und badurch berfelbe Sabs. 17, Apr. burger, für den die fpanische Monarchie erobert werden follte, Erbherr des großen Reiches im Often geworden fei. Runmehr tonnte es nicht im Intereffe ber fremden Rächte und bes europäischen Gleichgewichts liegen, ben öfterreichischen Ländermaffen auch noch die spanischen beizufügen und badurch abermals eine Sabs. burgifde Uebermacht zu fchaffen wie zur Beit Raris V. Bmar murde ber Bund außerlich immer noch aufrecht erhalten: Der Erzherzog verficherte, bag er die gange Macht feines Baufes einsegen werbe, um fein Erbrecht gur Geltung gu bringen, und auch in England unterließ man nicht, die Berbundeten zur festen Eintracht und zum ftandhaften Ausharren zu ermahnen; aber ichon war bas Bundament ber Allianz unterwühlt. Indes die drei Staatslenker und Beerführer Alles aufboten, um die bisherige Rriegspolitit aufrecht zu halten und die Demuthigung Frankreichs zu vollenden, wurde ihnen ber Boden unter ben Rugen weggezogen. Sie arbeiteten an einem Bert, das bereits dem Ginfturg nabe mar.

Einige Monate nach bes Raifers Tod melbete fich berfelbe Dichter Brior, Friedensber einst die Botichaft vom Abichluß des Rhewider Friedens über den Ranal England. getragen, ber intimfte Bertraute Bolingbrotes in Berfailles gur Aubieng. Sie Juli 1711. wurde ihm mit Freuden gewährt; aus bem Munde des Ronigs und der Frau bon Maintenon empfing er die Berficherung, daß man fich gerne mit England verständigen wurde. Bald nachher murde ein-frangofischer Bevollmächtigter, Mesnager, ber in handelspolitischen Dingen für besonders erfahren galt, von Bolingbrote nach Bindfor geleitet und auf einer verborgenen Treppe heimlich ber Ronigin vorgeführt. Das in felbfifuchtigem Sonderintereffe geplante Complott mußte bas Licht vorzeitiger Beröffentlichung vermeiben. — Roch vor Ende bes Jahres wurde bas Parlament auf die große Frage vorbereitet, indem die Thronrede der Hoffnung auf baldige Beendigung des Krieges lebhaften Ausdruck gab. 3m Unterhaus, wo die Tories in Folge neuer Bablen die Mehrheit bildeten, fanden die Friedenstlänge viel Beifall; die Bords dagegen ftanden noch jum größeren Theil unter bem Ginfluß ber Marlborough'schen Bolitit: fie

gaben in ihrer Abreffe bie Ertlarung ab, "daß fich tein ehrenvoller und ficherer Friede benten laffe, wenn Spanien und Beftindien einem Zweige bes Baufes Bourbon verbleiben follten". Dies mar aber in den Regierungefreisen bereits beschloffene Sache. Bald wurde benn auch im Oberhause die Opposition bewältigt, indem die Ronigin fraft ihrer Prarogative zwolf neue Beere torpftischer Farbung ernannte. Daß man ben bourbonischen Ronig, für ben bas caftilische Bolt so energisch eingetreten, so viele Opfer gebracht, nicht mehr aus Spanien verjagen tonne, batten bie letten Borgange jur Benuge bewiesen. Bon Seiten Englands murbe baber ber transpprenaifche Rrieg nur auf die Beschützung ber beiden Seeplate Gibraltar und Port Mahon beschrantt, die man zu behaupten vorhatte. Bergebens suchten die Generalstaaten, welche bisher so standhaft die Antrage Frantreichs jurudgewiesen, bas englische Ministerium bon einseitigen Schritten abzuhalten; bergebens begab fich Pring Eugen im Unfang des Jahres 1712 felbst nach London, um die ungunftige Stimmung auszugleichen, bie ber taiferliche Gefandte Graf Gallas burch fein scharfes Auftreten gegen bie Toryminister erregt hatte, und für die Fortbauer der Baffenbrüderschaft zu wirken : bie Ermahnungen ber rivalisirenden Seemacht, ber man burch birette Berbandlungen mit Frankreich den Rang abzugewinnen boffte, brachten wenig Ginbrud bervor und ben öfterreichischen Relbberrn, ber von dem enalischen Bolte mit hoben Shren empfangen wurde, suchte man burch perfonliche Auszeichnungen au befriedigen, ohne ibn jedoch einen Ginfluß auf die Politit gewinnen zu laffen. Marlborough mar turg borber im Parlamente bes Migbrauchs ber ihm überwiesenen Staatsgelber angeklagt und bes Unterschleifs schuldig befunden worden. Dies gab ber Ronigin Beranlaffung, bem flegreichen Rriegshelden burch ein Sandschreiben ben Oberbefehl ju entziehen. Statt seiner murbe ein eifriger Jacobit, ber Bergog von Ormond an die Spige bes Beeres gestellt, ber ben Sollandern und bem faiferlichen Feldherrn gleich abgeneigt mar. Denn neben ben Bandelsvortheilen, welche die englischen Staatsmanner bei ihren geheimen Unterhandlungen und Abmachungen mit der Regierung von Berfailles in erfter Linie im Auge hatten, maren auch legitimiftische Umtriebe im Spiel. Die hannoverische Succession war der kinderlosen Stuartschen Königin nicht nach dem Sinn. Sie wünschte die väterliche Krone ihrem Salbbruder Jacob zuzuwenden, über deffen Echtheit die Breifel, die Anna einft felbst fo gefliffentlich genahrt hatte, langft verschwunden waren. Wie traf ba diesseits und jenseits des Ranals die bour-

Darüber mar das Bolingbrotefche Ministerium mit dem frangofischen Sofe einig,

bonifc-ftuartiche Politit abermals zusammen!

Die bour-bonfche Gues ceffiones daß man Spanien und die auswärtigen Befigungen dem bourbonischen König Philipp V. frage laffen muffe; nur über bie Frage, welche Bestimmungen getroffen werben konnten, um bie Möglichkeit einer bereinstigen Bereinigung der spanischen und frangofischen Monarchie abzuschneiben, tonnte man lange zu teinem Ginverftandniß tommen. Denn es war ja oft genug dargelegt worden, daß Riemand auf ein ihm von Gott gegebenes, in

ben Kundamentalgefeten bes Staats überliefertes Recht Bergicht leiften tonne. tonnte alfo dafür steben, das nicht einmal der spanische Bourbon auf den Thron von Frankreich berufen merde und die Union, ju beren Abwendung man bauptfachlich die Baffen ergriffen, gulest boch zu Stande tame. Die Frage mar um fo brennender, als im gebruar diefes Jahres der altere Bruder Philipps, der Bergog von Bourgogne, der feit dem Tode des Dauphin im April 1711 ber Thronerbe mar, ftarb und fein altefter Sohn ihm balb ins Grab nachfolgte. Der Arieg bauerte baber noch einige Monate fort. Aber von Seiten Englands war er bereits zu einem Scheinkrieg geworden. Der bergog von Ormond verweigerte jede Mitwirtung zu einer ernsten Action; nur zur Abwehr follten bie englischen Truppen gebraucht werden. Dadurch geschah es, daß ber Oberfeldherr ber Berbundeten ben beabsichtigten Ginmarich in die Bicardie nicht ausjuführen vermochte und daß der Maricall Billars bei Denain an der Schelde einige 27. Juli Erfolge über Eugen und die Hollander babontrug. Der Anblid eroberter gahnen, der den Cinwohnern von Paris wieder gegonnt war, erwedte neue Buversicht und bewirtte, baß der Uebermuth und die Unfpruche Frankreichs aufs Reue in die Sohe fliegen. Erft als Philipp V. die feierliche Ertlarung gab, und durch eine öffentliche Urtunde bor ben höchften Burbentragern und ben Cortes von Caftilien bestätigte, daß er feinen 6.900.1712. Breig von dem toniglichen Stamme in Frankreich absondere, daß bei ber Erbfolge ber frangofischen Arone auf ihn und seine Rachtommen burchaus teine Rudficht zu nehmen fei, daß fein Recht als erloschen gelten und junachst auf feinen Bruder den Bergog von Berry, dann auf feinen Oheim, den Bergog von Orleans übergeben folle, tam man endlich jum Biel. Die Bergichtleiftung Philipps von Anjou auf jedes Erbrecht an die franzöfische Krone wurde in Gegenwart des Konigs Ludwig XIV. und fammtlicher Bringen in die Atten des Parifer Parlaments eingetragen und somit der Entfagung faatbrechtliche Geltung verlieben. Darauf wurde zwischen England und Frantreich ein Baffenstillstand geschlossen, dem auch Holland, um nicht die ganze Ariegsmacht Frankreichs in bas eigene Land zu ziehen, beizutreten fich gezwungen fab.

Mittlerweile hatten bas gange Sahr über Friedensunterhandlungen in Utrecht Congres und flatigefunden, die aber von weniger Bedeutung waren als die geheimen Be- utmat. rathungen awischen Toren und Bolingbrote bei einem Besuche bes letteren in Paris und Kontainebleau und die vertraulichen Mittheilungen, die Brior awischen London und Bersailles hin und hertrug. Erft als fich der englische und der frangoniche Minister über alle entscheidenden Bunkte geeinigt hatten, feste ber Friedenscongreß zu Utrecht, wohin nun auch die Generalstagten, Spanien, Savopen und Portugal ihre Bevollmächtigten abgeschickt hatten, auf Grund ber bereits vereinbarten Praliminarien feine Arbeiten mit foldem Cifer und Erfolg fort, daß im nächften Frühjahr bas Pacificationswert abgefchloffen werden tonnte, 11. Apr. das bem europäischen Staatenspftem eine wesentliche Umgestaltung gab. Denn obgleich Raiser und Reich von den Berhandlungen in Utrecht fern blieben, in der Hoffnung für die Aheinlande und Catalonien günftigere Bedingungen zu erzielen, wurden die zwischen den englischen und frangofischen Ministern getroffenen Bestimmungen festgehalten und durchgeführt, als ob die andern dabei mitgewirkt batten. Man war überzeugt, daß fie schließlich doch genothigt sein wurden ihre Bustimmung zu geben. Unter folden Berbaltniffen war es begreiflich, baß Eng. England land als Breis seines Abfalls die größten Bortheile für fich selbst davontrug.

Richt allein, bas der bourbonische Rönig Philipp V., der nach dem Aufgeben aller Erbanspruche auf ben frangofischen Thron für fich und feine Rachtommen als herricher von Spanien und Indien anerkannt ward, dem Inselreiche die Seeftabte Gibraltar und Bort Dabon überlaffen mußte; es erlangte von Frantreich die transatlantischen Besitzungen Reuschottland (Atabien), Reufundland und bie Subsonsbai und Ludwig XIV. mußte einwilligen, daß die Festungswerke von Dünkirchen geschleift und bas Meer, bag bas Inselreich umfluthet, als bas britische bezeichnet murben. Rerner erbielt England burch ben "Affiento-Tractat", traft beffen einer britischen Gefellicaft bas ausschließliche Recht auftanb, gegen eine mäßige Abgabe jährlich fünftaufend Reger in die spanischen Indien zu vertaufen, und burd mande andere Bugeftandniffe in Beziehung auf ben fpanifch-englischen Sandelsvertehr große materielle Bortheile. Durch Diefes Abtommen legte Boling. brote, der ben Utrechter Frieden hauptfachlich ju Stande brachte, ben Grund au ber Seeherrichaft Englands und verschaffte feiner Bartei bas Uebergewicht. Das treulofe Berfahren bei ben biplomatifden Abmadungen und die egoistifche Tattit der Raction wurde mit bem Schilde ber öffentlichen Boblfahrt bededt. Solland. Die Generalftaaten, beren Führer Beinfins fo energisch die antifrangofische Politik betrieben, batten von ihren Anftrengungen wenig Gewinn. Bon England preisgegeben mußten fie am meisten bie Rache Ludwigs fürchten, falls fie ben in Utrecht vereinbarten Beschluffen widerstrebten. Go begnügten fie fich benn foließ. lich mit ber Berftellung bes fruberen Buftanbes in Beziehung auf die Grenzbewachung. Auf Bolingbrotes bringendes Berlangen gewährte ihnen Ludwig XIV. burch ben Barrière-Tractat bas Befagungerecht in ben Festungen Menin, Spern, Tournay u. a. D., und einige Erleichterungen im Sandelsverfehr. Der Für-Caropa. fprache Englands hatte es auch ber Bergog von Savopen-Biemont zu verdanken. bas ihm ber rechtzeitige Bechfel feiner Rriegspolitif neuen Gewinn eintrug. Richt genug, bag er im Befig ber Grengerweiterung blieb, die ihm einft im Turiner Bertrag von den Berbundeten zugefagt worden; man verlieh ihm auch die Infel Sicilien, Die Ludwig XIV, vergebens feinem treuen Bundesgenoffen Dar Emanuel zuzuwenden suchte, und bei ber Bestsetzung der spanischen Erbfolge wurde fur ben Fall eines Aussterbens ber Linie Philipps V. seinem Stamme Breugen bas Recht ber Succession vorbehalten. Breugen murde auf Grund alter Geldauspruche an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durch bas Oberquartier von Gelbern entichabigt und fowohl fein Ronigerang als feine Souveranetat über Reuchatel und

Balengin allgemein anerkannt.

Die Faliung Die französisch-englische Diplomatie verfügte in Utrecht mit souveräner Desterreichs.

Sigenmächtigkeit über das Schickal Europa's. Sollte aber die Regierung in London das österreichische Habeburg, dem man das ganze spanische Erbe zugebacht, für dessen Rechte man mehr als zwölf Jahre lang mit aller Energie eingestanden, nun von jedem Antheil ausschließen und wie früher den Erzherzog, so jest den Bourvon als den allein Auserwählten ausstellen? Wie sehr dies den

Bunfchen ber Caftilianer und bes Mabriber Cabinets entsprochen haben murbe, einen folden Umfchlag in ben Gegenfas hatten die Staatsmanner an der Themfe boch nicht im Sinne. Burbe benn nicht folieflich an bie Stelle einer babeburgifchen Begemonie, der man entgeben wollte, die viel bedenklichere bourbonfche treten? Und würde ein solches Borbaben nicht einen neuen Rrieg vielleicht von berfelben Dauer mit bem Raifer und feinen beutschen Bunbesgenoffen erzeugt haben ? Es war bekammt, wie begierig Desterreich nach dem Befit von Mailand trachtete. Satte boch Raifer Joseph, als er bem Bruber feine Anspruche auf die wanische Monarchie abtrat, insgebeim fich ben Beimfall bes Bergogthums veriprechen laffen. Bei bem Regierungsantritt Karls VI. lagen die Dinge in Desterreich nicht ungunftig. Es war ber Biener Regierung gelungen, turz nach bem Tode Josephs I. durch ben Frieden von Saathmar, Ungarn und Sieben. 1. Mai 1711. burgen wieder fester an die Monarchie ju tnupfen. Auf Grund eines neuen Staatsvertrags, bei deffen Bereinbarung Graf Johann Balfy Ramens bes Konigs und Alexander Rarolyi Ramens ber "Confoderirten" besonders thatig gewefen, waren ben Ländern jenfeits der Leitha und über dem Gebirge die alten verfaffungsmäßigen Rechte und Freiheiten und ben Protestanten Augsburgischer und Belvetifcher Confession die freie Religionsubung gurudgegeben, die Anstellung in Staats-, Militar- und Rirchenamtern ben Gingebornen vorbehalten und burch eine allgemeine Amuestie die revolutionare Bewegung niedergeschlagen worden: und wenn auch Fürst Ratoest die angebotene Bergeihung und Begnadigung berichmabte und es vorzog, feine letten Lebensjahre zuerft in Frankreich, dann in ber Türkei zu verbringen; so konnte boch die Bacification ber Oftlander als gelungen betrachtet werben und ber Raifer war in die Lage gesett, seine gange Ariegsmacht zur Bebauptung feiner Anspruche ober gur Erlangung vortheilhafter Bedingungen einzusepen. Roch ftand der erfte Geldberr ber Beit, Bring Eugen mit betrachtlichen Streitfraften am Rhein; noch war Sturbemberg Meister ber Stadt Barcelona, wo Rarl III. bei feinem Abgang gur Uebernahme ber öfterreichischen Erblande und ber Raiferwurde feine Gemablin, die jugendlich icone Elifabeth Chriftine von Braunschweig-Bolfenbuttel, die bei ihrer Bermablung nebft ihrem Großbater Anton Ulrich aur tatholifchen Rirche übergetreten war, gleichsam als Unterpfand seiner Treue gurudgelaffen batte, und in Catalonien war die Bevölkerung entschloffen, den Rampf für ihren Ronig und für ihre angeftammten Rechte fortzusegen, auch als die Englander ihre Seere gurudzogen. Co tam man benn in Utrecht auf die alte Ibee einer Theilung ber Monarchie gurud, Defterreich follte die spanischen Rebenlander Belgien, Mailand, Reapel und Sardinten erhalten. Rur auf biefe Beife fchien eine bauernde Pacification geichaffen werben au fonnen.

Rarl VI. und die vordern Reichstreife konnten fich nicht fofort entschließen, grieben von bie Utrechter Stipulationen anzunehmen. Sollte ber Sabsburger die Catalonier, Baben. die ihm fo große hinneigung gezeigt, die im Bertrauen auf feine Gulfe die Auf-

forberung zur Unterwerfung ftanbhaft gurudwiefen, im Stiche laffen, ohne bas ihre Brivilegien ficher gestellt worden ? Und follte bas Reich, bas auf die Berftellung b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auf die Biedergewinnung von Strafburg und Elfaß gehofft hatte, aufs Reue feine Grenzen burch die Erroberungefucht bes feindlichen Nachbars bedroht seben? Aber die englisch-französische Ministercoalition war übereingekommen, gegenüber ben Deutschen auf den Frieden von Roswid gurudzugeben. Die Lories icamiten fich nicht, ben Frangofen bie Rheingrenze als Preis für die zugeftandenen Sandelsvortheile zu überantworten und Die spanischen Oftlande, die fie einst felbft unter die Baffen gerufen, aur Unterwerfung unter ihre erbitterten Reinde aufzufordern. So erlebte benn bie Belt noch ein blutiges Rachspiel bes langen Rrieges. Aber als die Frangosen mit neuer Buverficht ihre gange Rriegsmacht an ben Rhein ruden ließen. Landau eroberten, Freiburg trot ber tapfern Bertheibigung bes Generals Sarich befetten und fich anschickten, nach Schwaben vorzudringen und an dem beutschen Suden Rache für Bochstädt zu nehmen; da überzeugte fich Raiser Rarl, bag er allein in Berbindung mit den saumseligen Reichstruppen den Rrieg wider Frankreich boch nicht mit Erfolg bestehen tonne, jumal ba die ftreitbarften Fürsten ber nord. lichen Reichelande in ben gleichzeitigen Rrieg gegen Schweben verflochten waren und es nicht außer bem Bereich ber Möglichteit ftand, daß fich eine neue Coalition jur Durchführung der Utrechter Friedensbestimmungen bilben mochte. Er bepollmächtigte baber feinen Relbherrn Eugen, mit bem frangofischen Befehlshaber Billars einen Baffenftillstand ju fchließen, und gab bann feine Ginwilligung ju bem von beiden Marschällen auf Grund der Utrechter Stipulationen vereinbarten

7. Man Frieden von Raftatt, dem einige Monate später auch das deutsche Reich zu 7. Sept. Baden im Aargau beitrat. In Folge der Rastatter und Badener Friedensverträge wurden die Aurfürsten von Baiern und Köln wieder in ihre Länder und Würden eingesetzt, die Festung Landau den Franzosen belassen, dagegen Freiburg, Breisach und Rehl dem Reich zurückgegeben und die Festungswerke auf der Rheininsel und gegenüber Hüningen geschleist. Da die englischen und holländischen
Gesandten an den Berhandlungen keinen Theil hatten, so geschah es, daß Ludwig XIV. mit Zustimmung des Wiener Cabinets auch die Aufrechthaltung der Ryswicker Religionsclausel (S. 593) durchsehte, "ein Denkmal seiner Ferrschaft, verhaßt den Protestanten und ein Zunder zu neuem Hader". Selbst englische Staatsmänner konnten sich nicht enthalten, die "scandalöse Clausel" zu verhammen.

Catalonien unterworfen.

Und nun erreichte auch das Nachspiel des Arieges in Catalonien feinen tragischen Schluß. Als in Folge des Baffenstillstandes die österreichischen Eruppen unter Starhemberg-mit der Raiserin sich in Barcelona eingeschifft hatten, rudte Marschall Berwid mit einem spanisch-französischen Seer in die östlichen Provinzen und forderte die Bewohner zur Unterwerfung und zur Annahme der castilianischen Berfassung auf. Die Aragonier, deren Hauptstadt Baragossa in den Händen Bhilipps V. war, fügten fich ber Gewalt; Barcelona aber widerstand fast ein ganges Jahr der feindlichen Uebermacht, bis die Biderstandstraft der von England und Desterreich verlaffenen Seeftadt gebrochen mar. Um die Beit, ba ber Badener Friede dem Krieg am Rhein ein Ende machte, wurde auch Barcelona im Sturm erobert. Der Rrieg hatte unheilbare Bunden geschlagen : Die schouen 11. Cept. Aluren von Balencia lagen wufte; die Catalonier, die lieber bas Aerafte über fich ergeben ließen, als bag fie fich ben verhaften Castilianern unterwarfen, erlitten den Tob in jeglicher Gestalt; um nicht dem Sohne der Sieger preisgegeben ju werden gundeten fie, wie einft die Burger von Sagunt und Rumantia, selbft ibre Saufer an und begruben fich unter ben Trummern. Als endlich nach Eroberung von Berida, Baragoffa und Barcelona aller Biderstand gebrochen war und das Richtbeil die funften Saupter gefällt hatte, verloren die brei Bandschaften Aragonien, Catalonien und Balencia die alte Berfaffung, so viel babon noch aus den Stürmen der Bergangenheit auf die Gegenwart gerettet worden mar, und wurden fortan nach caftilischen Gefeten regiert. Das Mitleid des Raisers, bem die Erinnerung an das Schickfal der verlaffenen und verrathenen Catalonier viele fcwere Stunden bereitete, und die Theilnahme ber Belt an ihrem harten Beidide mar ein armer Eroft für bie verlornen Guter und den Untergang ihrer nationalen Rechte und Stammeseigenthumlichkeiten.

# II. Der große nordische Aries.

### 1. Karl XII. in Danemark, Volen und Sachsen.

So wenig war im Anfang b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die europäische Reine euro-Staatenfamilie noch zu einem Sangen zusammengewachsen, daß gleichzeitig mit fa bem fpanifchen Erbfolgetrieg im Rorben und Rorboften ein anderer großer Boltertampf fich abspielte, ohne daß die beiden triegführenden Theile in nabere Berbindung gekommen maren oder daß die Bechselfalle ber einen Gruppe auf die andere einen wesentlichen Einfluß geubt, einen entschenden Ausschlag gegeben batten. Und doch ftand hier wie dort eine Allianz von mehreren europaischen Machten einem Einzelstaat gegenüber; und boch waren hier wie bort Berfonlichkeiten von hohem Unternehmungsgeift und großen politischen Entwurfen die Urheber und Bollftreder ber Plane im Felde und in ber Politik.

Bir haben in den fruheren Blattern die Lage und Buftande ber Staaten Geweien tennen gelernt, die im nordischen Krieg ihre Krafte mit einander magen. Schweden bes 3abrb. stand bei dem Tode Karls XI. auf dem Höhebunkt der Macht, zu der Gustav Abolf und Rarl X. den Grund gelegt hatten. Der ftaatstluge Despotismus des Königs hatte der Krone unumschränkte Gewalt verliehen, die durchgreifende Reduction der Staatsdomanen, obgleich fie ob ihrer Barte oft des Rechtstitels "bon Gottes Gnaden" ermangelte, verbunden mit der Sparfamteit des Monarchen

batte die Staatskasse gefüllt und die Abtragung der Schulden wie die tressliche Ausküstung des Heeres und der Flotte möglich gemacht. Im Besitze der Küstenländer und der reichen Städte Wismar, Stralsund, Stettin, Riga und Reval beherrschte Schweden den Handel der Oftse und deckte die Armuth des eigenen Landes durch einträgliche Bölle. Besanden sich ja doch die Ausstüssse der Weser, Oder, Düna und Rewa in seinem Gebiet! Ingermanland, Livland und Sthland waren Schwedens Kornsammern und die Stätte, wo das hentige Petersburg steht, war eine mit wenigen Fischerhütten bedeckte sumpfige Riederung auf schwedischem Grund und Boden. Die Ostsee war in Wahrheit das "schwedische Meer". Die kriegerische Kraft des abgehärteten Boltes, das Fesdherrntalent einiger wassentnudigen Könige und die Zwietracht der Rachbarstaaten hatten die sleine arme Kation in die Reihe der europäischen Großmächte gestellt. Und wem sie auch in den sehre Vahrzehnten von ihrer politischen Höhe herabgestiegen war, so hatte man doch bei den Friedensverhandlungen in Roswid dem schwedischen Gesandten noch die Kolle eines Leiters und Bermittlers zugestanden.

Cometen Mit neibifden Bliden betrachteten bie Radbarn bas Uebergetricht ber Someben, nut feine Rachbarn, das fic oft in verletender Beise tundgab. Bie oft kanden schwedische Soldaten in fremden Rriegebienften und machten fich durch ihre Raubsucht und Buchtlofigfeit berhaft; wie oft ließen fich bobe Beamte und machtige Reichsrathe bom Auslande bestechen und ju fremden 3weden migbrauchen! (S. 618). Die Ruftenlander im Livland. Often des baltifchen Meeres wurden als ausländische Provinzen behandelt, die ihre Abgaben nach Stodholm entrichteten, ohne buß man fie als gleichberechtigte Glieber in den Staatsverband aufgenommen hatte; durch die Einziehung der Kronguter, die man auch auf die überfeelfchen Landichaften ausbehnte (S. 647), waren viele livlandifche Edelleute ihrer Liegenschaften beraubt worden, welche fie von ihren Boreltern geerbt oder durch Rauf und Berträge in gutem Glauben erworben hatten. In früheren Jahren hatte Livland ber fomedischen Regierung manche Bortheile zu banten gehabt: sie hatte eine Agvargesehgebung mit Landesvermessung begründet, sie hatte in Dorpat eine Universität nach dem Borbilde von Upsala errichtet und in den größeren Städten bobere Schul- und Bilbungsanftalten ins Leben gerufen, fie hatte das Rirchenregiment geordnet. Dem Generalgouberneur, ber als Stellvertreter des Ronigs die militarifden und bargerlichen Angelegenheiten leitete, fand ein aus fcwebifden und beutfchen Eddleuten gennischter Landesrath mit einem Landmarschall zur Seite; Ritterschaft und Landing genoffen ausgebehnte Rechte und Befugniffe. Aber unter ber Gewaltherrichaft Karls XI. waren durch den despotischen Couverneur Haftsehr die Brivilegien vielfach verlest, das Landrathscollegium aufgeloft, die Stande, welche gegen die Ausdehnung ber harten Domanenreductionen über die nur durch Berfonalunion mit dem Ronigreich verbundenen Oftseeprovingen in Stodholm allgulaut ihre Befcmerben und Riagen vernehmen ließen, in ihrer Rechtsftellung berabgebrudt worden. Befonders Battul, trug ein lielandifcher Cbelmann, Johann Reinhold Battul, "ein Fanatiter bes ftandifden Staats", den die Einaxiffe in die alten verbrieften Sandebrechte und Berfaffungs-

bestimmungen tief verlest hatten, der schwedischen Herrschaft einen leidenschaftlichen Hab. Er hatte als Wortführer des ftandischen Ausschuffes die Rechte der Landichaft energisch vertheldigt und war darum als Hochverrather angestagt worden. Es war the gelungen, dem fowedischen Halbackichen zu entstleben. Bum schwedischen Lode

und ju Guterverluft verurtheilt hatte er fich eine Beitlang in Deutschland und in der Soweig aufgehalten und war dann in die Dienste des Polenkönigs August II. von Sachfen getreten. "Als öffentlicher Charafter beftig, unberfohnlich und zweischneidig", urtheilt Roorben, "war Pattul in allen menfolichen Begiehungen treu, uneigennubig und hochfinnig. Richts Gemeines war in feiner Ratur".

Much in Danemart, wo am Ende des Jahrhunderts Ronig Friedrich IV. feinem Danemart u. Bater Spriftian V. auf bem Throne gefolgt war, trug ber Hof und ber Abei ben Solftein. Someden tiefen Groll. Man hatte noch nicht die harten Bedingungen vergeffen, die Briebrich IV. der fiegreiche Rachbar im Ropenhagener Frieden (S. 612. 615) dem Danenreiche aufgedrungen. Bu dem politischen haß hatte fich noch eine ererbte geindschaft zwischen den herricherhausern gefellt. Seitdem die Oldenburger Opnaftie fich in eine konigliche danische und eine herzogliche Linie gespalten, herrschte in der Fannilie Swietracht und Riftrauen. Da die Bergogthumer Schleswig und Bolftein ber Art unter bie altere und jüngere Linie aufgetheilt waren, daß keine scharfe Begrenzung stattfand, daß die beiberfeitigen Besitzungen nicht als gefonderte einheitlich gefchloffene Territorien auseinanderfielen, fondern "im treuzweise gewurfeltem Bidgad bas Land burchspannten", bag die Aemter, Stadte und Schlöffer burch Bertrage und Abtommen dem einen oder bem andern zugewiefen worden, war bas Streben des machtigeren toniglichen Zweiges babin gerichtet, die herzoglich gottorpfchen Berwandten in Abhängigkeit zu bringen, die geloderten Lebensbande in Schleswig fester ju tnupfen, bie Berechtsame ber banifchen Landesberren gegenüber den gemeinschaftlichen Standen jum Rachtheil der herzoglichen ju mehren und zu ftarten, die wirthichaftliche und militarifche Rraft der Elbherzogthumer ju banifden Staatszweden auszumugen. Die Abichaffung des Babirechts und die Aufrichtung der Primogeniturordnung in beiben Sandesthellen hatte noch gut Scharfung ber Gegenfate beigetraden, bas Bewuttfein gleichartiger Intereffen und Berpflichtungen noch mehr geschwächt. Das Streben der danischen Krone, ihr festländisches Gebiet durch die Bereinigung bes foleswigfden Landes mit Jutland ju bergroßern und die Bergoge von Solftein-Gottorp in ein Bafallitateverhaltniß ju zwingen, hatte die Birtung, bas biefe fich enger an Schweden anschloffen, um burch bie Baffen ber friegsftarten Rachbarn gegen Bergewaltigung und Uebervortheilung gefcott ju werben. Beitweise wurden die politischen Sympathien burch verwandtschaftliche Bande mittelft Berbeirathungen verftartt. Auch die Seemachte hollend und England, welche aus commerciellen und maritimen Rudfichien die Danen nicht Meister in der Rordsee und den Berbindungsstraßen werden lassen wollten, standen meistens den gottorpschen herjogen fcongend jur Seite. Als in Danemart Friedrich IV., ein Mann von fleiner schmächtiger Gestalt aber bon ungedulbigem Chrycit, ben Thron bestieg und den umflichtigen Reventlow 211m Reichstanzler machte, regierte in ben Gottorpfchen Territorien fein Stammesbetter gleichen Ramens, ein Schwager des jungen Schwedenkonigs Rarl XII., und gleich diesem ein tollkubner Reiter und Jäger, ein waffenfroher, kampfbereiter Fürft.

Baft um diefelbe Beit, ba Rarl XII. ben fowebifchen Thron besting, mit Karl XII. u. Sulfe bes Staatstaths Biper die Don bein Bater bestellte vormundichaftliche von Bolen. Regterung bei Seite fcob und mit Einwilligung ber Stände die unbeschränkte Königsgewalt in die eigene Hand nahm, hatte, wie wir wiffen der fächliche Kurfürft Friedrich August ber Starte, als Ronig August II. die Krone in Polen erlangt. "Dynaftifche Gitelleit und perfonliche Grosmanusfucht betten ibn in den polnischen Bahllampf und gleichzeitig jum Alfall bom baterlichen Glauben

getrieben, Pflichtvergeffenheit egeleitete ihn auf ben Ronigethron. Selbftvergötterung blieb seitbem die Burge feines Lebens und eine Jagd nach fcimmernden Chimaren ward ber Reiz jedes einzelnen Tages. Alsbald begann er Rantesucht mit Staatstunft, Doppelgungigfeit mit Staatsflugbeit zu verwechseln." Der furfachfische Minister Jacob Beinrich von Flemming, ber burch seine Gewandtheit in der Runft der Bestechung bei der Ronigswahl seinem fürftlichen Gonner so erfolgreiche Dienste geleistet hatte, ein Mann bon Berftand und fruchtbarer Einbildungefraft aber leichtfertig und zu ftaatefunftlerifchen Entwurfen geneigt, erfüllte die ehrsüchtige Seele feines Berrn mit Eroberungsplanen. Er tannte die Ratur des Rurfürsten-Ronigs, ber von bochfliegenden Eraumen und Berrichergelüften erfüllt fich leicht über alle Bedenken und Schwierigkeiten wegfeste und bem eine Politit der Taufdung, der Unehrlichfeit, der Gewaltthatigfeit wenig Bewiffenspein verursachte, und ichmeichelte ibm mit bem Bedanten, Die ichmebischen Besitzungen an ber Offfee in feine Banbe zu bringen. Gegen bie ausbrudliche Bestimmung der Capitulation hatte August unter allerlei Bortvand eine ansehnliche fachfische Armee in Polen gurudgehalten, Die ihm jederzeit gur Berfügung ftanb. Sein Blan gewann an Rlarbeit als Patkul in feine Dienste trat und mit Flemming vereinigt auf die Phantafie bes Ronigs einwirfte, ibm porspiegelte, wie gern Lipland die verhaßte ichwedische Berrichaft abichutteln murbe, wenn es auf nachbrudliche Bulfe rechnen konnte, und in feiner Seele Rriegeruhm und Eroberungeluft wedte.

Bunb ber brei Monar

Auch die polnische Abelsrepublik hatte ja an Schweden manche vergangene den gegen Unbill zu rachen, fo daß August hoffen durfte, durch einige bestochene Magnaten ben Reichstag zur Theilnahme am Rrieg fortzureißen. Bar er benn nicht burch feinen Rronungseid verpflichtet, bem polnischen Reiche jur Biebergewinnung ber verlornen Besitzungen zu verhelfen? Bu biefen gehörte boch auch Livland. Durch Battul batte er mit ber Ritterschaft Berbindungen angeknupft; ein gludlicher Baffengang, mochte er voraussegen, tonnte die fproben Elemente im Senat und Reichstag zu Barichau willfährig machen und ben friegerischen Geift aufstacheln.

Ein Bundniß mit bem Bar Beter bon Rugland, ber einen Bugang nach ber 21. Nov. Oftsee zu gewinnen suchte, war unter Bermittlung Pattuls zum Abschluß getommen; einen andern Berbundeten erlangte Auguft ohne große Mube in dem Ronig von Danemart, bem heftigen Feind Schwedens. Go murbe ein breifacher Angriffsplan befchloffen. Der Augenblid ichien fo gunftig als möglich. Denn wie follte ein junger, folecht erzogener und unerfahrener Rönig, der bisber noch wenig Beichen geistiger Begabung abgelegt hatte, im Stande fein, die brei berbundeten Monarchen im Kriege zu bestehen? Auch wurden die Feindseligkeiten fofort eröffnet. Ohne bag man zubor die Buftimmung ber Republit Bolen eingeholt, rudte ein fachfisches Beer unter Flemming, Steinau und Pattul an die Grenze von Livland, um die mit Patful verbundene Ritterschaft zur Abwerfung ber ichwedischen Berrichaft zu bringen, und bedrohte Riga, indes die Ruffen Anstaken trafen in Esthland einzufallen und Friedrich IV. von Dänemart den herzog von Solstein-Gottorp mit Arieg überzog, um Schleswig, wonach die Dänen schon lange lüstern waren, mit Jutland und dem Inselwich zu vereinigen. Es war ein räuberischer Ueberfall ohne Kriegserklärung, ein gemeiner, von den eigennützigften Motiven angesachter Eroberungstrieg, durch welchen dem königlichen Jüngling entrissen werden sollte, was Gustav Adolf und Karl X. erworben batten.

Aber wie erftaunte Europa, als der junge Fürft in Stocholm einen rafchen Rarl XII. lebendigen Geift und ein ausgezeichnetes Rriegstalent entfaltete! Entruftet über bagen unb das feindselige ungerechte Beginnen ber Gegner schiffte fich Rarl XII. sofort mit baler Briebe. seinen tapfern Kriegsmannschaften ein, landete, begunftigt von hollandischen und englischen Geschwabern, welche in ben banifden Gemäffern frenzten, auf ber Infel Seeland und ichritt alsbalb zur Belagerung von Lopenhagen. Die Danen geriethen in Schreden; man fürchtete eine Erneuerung ber Drangfale, welche bie Sauptftadt vor vierzig Sahren erlitten; ber Danentonig, ber mit einer unzulanglichen Armee und einigen schlechtbisciplinirten sachfischen Sulfstruppen vergeblich versucht hatte, Tönningen in seine Gewalt zu bringen, eilte daher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ein friedliches Abkommen ju erlangen. In Erabenbal, einem Lusticolog des Bergogs von Blon murbe ein Congres abgehalten, an welchem Bevollmachtigte ber beiben Seemachte, Frankreiche und einiger beutscher Fürften Theil nahmen und ber bie Ginftellung ber banifch-holfteinischen Feindseligkeiten herbeiführte. Friedrich IV. entfagte bem Bunde mit August und Beter und bersprach, den Bergog zu entschädigen, wogegen dieser den Abzug der Schweben bewirfte. Die eble Mäßigung Karls XII., ber in dem Travendaler Frieden jeden 18. Ang. eigenen Gewinn verschmabte, fteigerte bie Bewunderung fur ben jugendlichen Kriegshelden, und die strenge Mannszucht seines Beeres, das fich wie einst unter Guftav Abolf zweimal täglich unter bes Ronigs Augen im Lager zur Morgen. und Abendandacht verfammelte und fich aller Gewaltthätigkeiten und alles Plunderns enthalten mußte, erwarb ihm die Buneigung ber Bölfer.

Der glückliche Ausgang des kurzen Ariegs erhöhte die Kampflust des Schlacht bei Schwedenkönigs. Wie den dänischen Gegner wollte er nunmehr auch die beiden undern Friedensbrecher bestrafen. Nach einem kurzen Ausenthalt in Stockholm andete er mit einem kleinen Hernen Fernau und wendete sich sofort gegen die Russen, die nach einer matten Kriegserkärung Peters in Csthland eingedrungen 10,0 Aus. 1700.

Varen und unter General Hallart die Festung Rarwa belagerten. In dem Heer ver Moscowiter herrschte kein guter Geist: die russischen Soldaten haßten die remden Ofsiziere und zeigten wenig Kampflust, zumal der Zar sich mit Golowin md Menschikow von dem Kriegsschauplaß entsernt hatte, dem Prinzen von Croh mheimstellend, wie er sich aus der schwierigen Lage heraushelsen möchte. So am es, daß nach einem kurzen aber blutigen Kanpse außerhalb und innerhalb es verschanzten Lagers vor Karwa die von dem König selbst und dem tresssichen

53

General Renschielb angeführten Schweden mit achttausend Mann bem fünfmal 21. Nov. ftarteren Geer ber Feinde eine Rieberlage beibrachten. Die Sieger erbeuteten 150 Ranonen und anderes Rriegsgerath und nahmen über himdert theine Sahrzeuge weg, die in einem Safen bei Narwa verborgen lagen. Erop und Die andern Anführer mußten fich, bon ben eigenen Golbaten bebroht, als Rriegsgefangene Lurland und ergeben, die Gemeinen ließ Rarl laufen. So war denn anch der zweite Feind bezwungen, übermunden, und leicht batte ber Bar wie vorher ber Danentonig zu einem Friedensschluß gezwungen werden konnen, batte nicht Rarl XII. um an feinem Baupigegner Rache zu nehmen, in imgebuldiger Daft fich fubmarts gewendet. Der Aurfürft-König hatte vergebens gehofft, Livland für feine Bwede au acwinnen: die Ritterschaft batte tein Bertrauen in die Sache und bielt fich fern und die Stadt Riga leistete unter dem alten Statthalter Dahlberg, der in seiner Jugend mit Rarl X. über die Belte gezogen war, fo tapfern Biderftand, bag die Belagerung aufgegeben werben mußte. Beim Beranruden ber Schweben nach der Dung jogen die Sachsen ab, fo daß Rarl XII. nach einem meisterhaften Uebergang über den Strom im Angefichte ber Auffen und nach einigen gludlichen Juni und Gefechten mit ben fachfischen Eruppen und ben Anrlandern, Die fich ihnen angeichloffen, von beiden Probingen Befit nehmen tonnte. Bergog Ferdinand Cofimir von Aurland floh aus seinem Lande, das er nie wiederseben sollte. August II. aber begab fich über Litthauen, wo er mit bem Bar in einer Busammentunft auf

Ronias einstehe. Rarl ließ jedoch seinem Gegner nicht viel Zeit. Rachdem er an ber Grenge Rarl in und Bolen, von Libland die fachfifch-ruffischen Beerhaufen gerfprengt hatte, rudte er in Litthauen ein, wo die machtige Familie Sapieba, ergrimmt bas Anguft feinen Bunftling Flemming zum Großstallmeister in diesem noch immer in einer gewissen Selbständigkeit fich bewegenden Lande ernannt hatte, ihm freundlich entgegenkam, und bedrobte die Bolen mit einem Rrieg, wenn fie nicht ihren Ronig, ber feinen Eid gebrochen und nach absoluter Berrschaft ftrebe, absetzen wurden. Die pole nische "Republit" ertlarte, daß fie Augusts II. Ginfall in Lipland weber gebillie noch unterftüt habe, wies aber bie Unmuthung bes Schwebentonigs als ber faffungswidrig jurud und bat um Anerkennung ihrer neutralen Galtung. Allei Rarl beharrte mit umwandelbarem Starrfinn bei feinem Borbaben, den Kus fürsten von Sachsen ber polnischen Krone zu berauben. "Man tann sich auf be Ronigs Bort nicht verlaffen, erwiederte er feinem zum Frieden mabnenda Minifter Biper. Er wurde, wenn wir gegen die Moscowiter im Felbe ftanben ruffisches Gelb nehmen und und im Ruden anfallen. Wird Livland ingwijde von Rriegsleiben betroffen, fo tann bies, wenn Gott einmal Frieden geben wird

burch Befreiungen und Begnabigungen wieber aut gemacht werden." Done fie

Schloß Birfen in der Rabe von Bilna bas Bandniß ernenerte, nach Polen, um dort bei den Magnaten die Bestechungskunfte mit sachsischem und ruffischem Geld zu versuchen, damit die Republik für den unbesonnenen Ebraeiz ihres

daber mit bem Rönig-Rurfürften auf Unterhandlungen eingulaffen, rudte Rari mit feinen schwedischen Eruppen in Volen ein und stand im Mai vor Warschau, Mai 1702. Bitternd überreichte ihm die Burgerichaft bie Schluffel ber Sauptftadt und entrichtete bie aufgelegte Rriegsfteuer. August batte fich nach Rratau und Gendomir begeben, wo es ihm gelang, einige Abelshäupter zu einer bewaffneten Confoberation an vereinigen. Rarl XII. verfaumte nicht, sich guch dahin zu wenden. Rach Dem Siege bei Cliffom über ein fachfifch-polnisches Deer, ein Sieg ber 19. Juli feinem tapfern Schwager und Rriegsgefährten, beiu Bergog Friedrich von Solftein-Gottorp bas Leben toftete, nahm ber Schwebentonig auch von Rratau Befit und verfolgte bann feinen Gegner nach Boluifd-Breuben, alle Friedensantrage Augusts, alle Bermittelungevorfchlage ber Polen und bes Anslandes, alle Borftellungen feiner eigenen Freunde ftandhaft gurudweisend. Bie ein irrender Ritter, der an Abenteuern fich ergott, suchte ber fühne Schwede, von Leidenschaft und Rriegewuth gestachelt, ben Rurfürst-Ronig in Buften, Moraften, Balbern auf und gab dadurch dem machtigeren Gegner in Mostan Beit, feine Eroberungsplane an ber Offee und am bothniften Meerbufen und feine politifch-civilijatorifden Entwurfe ungehindert burchauführen. Battul felbft, ber in bie Dienfte des Baren eingetreten, war dem Mostowiter jur Erreichung feiner Brede in den deutsch-schwedischen Provinzen behülflich. But falgenden Sabr brachte 1703. Rarl nach mehreren gludlichen Gefechten gegen die Sachsen und confoderirten Bolen die Städte Lublin und Bultust, und in Beftpreußen Thorn, Elbing und Dangig in feine Banbe, fo bag er nunmehr ben größten Theil bes polnifden Reiches in feiner Gewalt hatte und mit mehr Erfolg die Entthronung bes Rurfürften betreiben tonnte. Denn fein Ginn war nicht auf Erwerbung neuer ganber gerichtet, fondern nur auf Rache an dem Gegner.

Die Parteisucht der polnischen Magnaten, woben die Ginen, wie die Sapieha, Rene ju den Schweben bielten, die Andern, wie die Daineti für das ruffild-polnische Bundnis thatig maren, die meiften jedoch ihre perfoulichen und felbftsuchtigen Imede bober bielten als Lopalität oder Patriotismus, machte in der polnischen "Abelsbemefratie" alle Dinge möglich. Balb war bas ganze Land von Factionen gerriffen, durch Bundniffe und Gegenbundniffe gefpalten. Bar es zu verwundern, daß ichen während diefes Arienes bald von diefer, bald von jener Seite ber Bedanke einer Theilung Polens auftauchte? Die treulose Cabinetspolitik jener Tage hatte fich mit der Thatfache leicht gurechtgefunden, wenn die Oberhaubter fich batten verftandigen tonnen. Die dem Sachsen feindlich gefinnte Partei, welche die Confoderation von Barichau geschlossen, gab bem Aurfürst-König Schuld, er habe die Bacta conventa nicht gehalten, er habe die Republit in den Krieg verwickelt, um bei der Gelegenheit fich fonverane Rechte anzweignen, er habe durch feine tremlofe, heinrindische Politit und durch offenbare Berlemung ber Berfaffung fich des Thrones unwurdig gegeigt. Un der Spite Diefer Partei ftand neben bem Arongroßfeldheren Lubomireti ber Cardinal-Erzbischof Radziejowelli,

ber tluge beredte, aber berrichfüchtige, ehrgeizige und zweideutige Brimas von Bolen, ber bei ber letten Ronigswahl fo lange geschwantt hatte, auf welche Seite er fich wenden follte, der die verschwenderische Bracht des Rurfürsten-Ronigs mit neidischen Augen betrachtete und eine Thronvacang, mahrend beren ihm bas interimistische Regiment nach ber Berfaffung zustand, gern gesehen batte. Unter Bebr. 1704. feinem Borfit vereinigte fich ber Reichstag in Barichau zu bem Beichluß, Konig August habe die Rrone verwirft und es fei eine neue Bahl gur Befetung bes Thrones anzuordnen. Im schwedischen Beerlager tauchte ber Plan auf, man folle einem der drei Gohne Johann Sobiesti's, welche auf ihrer fchlefischen Berrichaft Oblau wohnten, bas vaterliche Reich zuwenden. Rarl ging auf ben Borfchlag ein und fnupfte Unterhandlungen mit den Brudern an. Allein Auguft vereitelte bas Borhaben. Ueberzeugt, bag man in Bien über bie Berletung bes neutralen Gebiets burch den alten Freund und Berbunbeten nicht allzusehr gurnen werde, ließ er durch eine Angabl verkleideter fachfischen Offigiere den Bringen, als fie von Ohlau nach Breslau reiften, in einem Balbe auflauern und bie beiben ältesten nach ber Pleißenburg in Leipzig und von ba nach bem Konigstein in Saft bringen. Der jungfte, Alexander entfam nach Bolen, tonnte aber nicht bewogen werben, die Rrone anzunehmen. Er felbft lentte die Aufmertfamteit Rarls auf Stanislaus Lesezinsti, Bojewoden von Bofen, einen wohlwollenden, gebildeten Ebelmann bon ichlichter Lebensweise und rechtschaffener Gefinnung. aber wenig geeignet für die schwierige Lebensaufgabe, für die er auserseben murde. Dem Fürst-Brimas mar die rafche Babl nicht nach dem Sinne; er batte es lieber gesehen, wenn die Thronerledigung und damit seine Reichsberweserschaft langer gebauert batte. Aber die Ungebuld Rarls geftattete feine Bergogerung. 12. 3uli Schon im Juli wurde Stanislaus in einer von fcmebifchen Solbaten umftellten

Bahlversammlung zum König von Polen ausgerusen, das Borspiel kunftiger Bergewaltigungen. Im nächsten Jahr wurde der neue König durch den Bischof von Lemberg gekrönt, aber seine Stellung war darum noch keineswegs gesichert, da nicht blos eine sächsische, sondern auch eine russische Parkei seiner Erhebung entgegen war und sowohl August als Peter Alles aufboten, um den Schützling ihres Feindes zu ktürzen. Rur durch das fortdauernde Bassenglud der Schweden konnte Stanislaus gehalten werden. Der Zar suchte durch Hulfsgelder den Krieg

in Polen zu schüren, damit er anderwärts freie Sand behalte.

Der Krieg in Durch die Unsicherheit der Lage in Polen sah sich der Schwedenkönig zu einem bie Saltung fortwährenden Umherziehen von einem Ende des Reichs zum andern genöthigt Preußens. So nicken halb nach der Baielung foliens Schüllings auf halb nach der Baielungschlieben wir baiel genothigt

Die Hattung fortwährenden Umherziehen von einem Ende des Reichs zum andern genöthigt Breußens. So rudte er bald nach der Königswahl seines Schützlings auf höchst beschwerlichen Märschen in Galizien ein und eroberte Lemberg. Dies benutte August zu einem raschen Zug nach Warschau. Er nahm die schwedische Besatung unter General Horn gefangen und strafte die Hauptstadt für ihren Abfall. Stanislaus war glüdlich zu seinem Beschützer nach Lemberg entkommen. Als aber Karl auf die Kunde von den Borgängen in Warschau der Weichselstadt eilig zu Hülfe zog, mußte das

tonigliche Seer wieder weichen; dabei bewertstelligte jedoch der Reichsgraf Johann Rattbias von der Schulenburg, der ausgezeichnetfte Feldherr in Augusts Diensten nach dem ruhmbollen Ereffen bei Bunit einen fo meifterhaften Rud. Dit. 1704. jug unter ben schwierigsten Umftanden, daß die sächfischen Truppen, ohne von ben nacheilenden Schweden Schaben zu leiben, über die Dber entfamen. Barfchau wurde nun wieder von den Schweden befett; ein Berfuch des General Payl'ul, mit ber fachfischen Reiterei und anbern von Schulenburg berangezogenen Truppen die Beichselstadt noch einmal zu überraschen, schlug fehl; Papkul wurde in dem Treffen bei Bohla überwunden und jum Gefangenen gemacht; und ba er von 31. 3uli Geburt ein Liblander war, ließ ihn Rarl als Hochverrather gum Tobe verurtheilen und hinrichten. Bon Barfchan aus manbte fich Rarl, nachbem er bie Rronung seines Schützlings Stanislans auch in ber Hauptstadt hatte vollziehen laffen, Dtt. 1706. nach Litthauen und Bolhynien, wo er trop unfäglicher Schwierigkeiten und Beschwerben, welche ihm die ungunftige Sahreszeit, ber moraftige Boben, die Arneuth des Landes und die überlegene Bahl der Feinde bereiteten, die Auffen gum Beichen brachte und baburch die Antoritat feines Ronigs Stanislaus in Bolen befestigte. — Roch niemals war Europa in so tiefer allgemeiner Bewegung als in diesen Jahren. Richt nur daß im Suden und Rorden, im Beften und Often bie Lander bon Rriegsheeren burchzogen, Schlachten geliefert, Stabte erobert, Menschen gepeinigt und getodtet wurden; auch an ben Bafen, bei ben Regierungen, in den Rreisen ber Diplomaten und Staatsmanner herrschte eine aufgeregte Thatigkeit, ein wechselvolles Spiel von Ranten und Rabalen, von Bundniffen und Taufdungen, bon Ueberliftung und Gleignerei. Besonders mar Berlin ber Schauplat biplomatifcher Gefchaftigfeit: alle friegführenden Theile suchten den neuen Ronigshof auf ihre Seite ju ziehen; Pattul arbeitete für einen Auschluß an ben Baren und ben Rurfürft-Ronig ; Die Confoderirten von Sendomir bemühten fich, ben König von Breugen für einen Bund mit der Republit Bolen au gewinnen; die bedrohten Ginwohner von Dangig richteten ihre Blide und Bitten nach Berlin; mit Karl XII. waren Unterhandlungen im Gange. Aber wir haben früher gefehen, wie wenig die brandenburgische Politik unter ber Leitung eines Wartenberg biefen großen Aufgaben gewachfen mar (S. 634). Ueber glangenden Geften und Luftbarteiten, worin der Berliner Bof mit dem Dresbener wetteiferte, über Intriguen, Boftabalen, Abelektiquen, complottirenbem Parteitreiben verlor man das richtige Berftandniß für höhere Staatszwede. Gin Befuch bes gewandten Herzogs von Marlborough in Berlin hatte zur Folge, daß König Friedrich I. bei der seemächtlich-taiserlichen Allianz festgehalten ward und den Greigniffen, die fich an den öftlichen Grenzen seines Staats abspielten, lange Beit fern blieb. Unterbeffen wurde beutsches Blut fur freinde 3mede geopfert, ein ichmablicher Soldatenhandel gegen Subfidiengelber unterhalten, der Burger zand Bauer mit Laften und Steuerbrud überburbet.

Rarl XII. Bahrend Rarl XII. gegen die Ruffen zu Felde lag, sein trefflicher General Sachsen. Lewenhaupt von Riga aus in Rurland eindrang und den ruffifchen Feldmarschaft Scheremeten, der im borbergebenden Jahr über ben fcwebischen General Schlip. venbach in Liviand einen Sieg davon getragen hatte, in der blutigen Schlacht bei 26. 3uli Gem auerthof aufs Haupt foling; verfuchte ber Autfürft-Konig, nachdem er fich in Grodus aufs Reue mit dem Baren berftandiat, mit einem fachfisch polnischruffifchen Beer ben ichwebischen Feldherrn Rheuschiold ber unt einer geringen Ariegemacht auf ber Grenze bon Bolen und Schlefien ftanb, aus feinen Stel. lungen zu drängen. August felbft bielt fich in einiger Entfernung und überlich 13. gebr. ben Angriff bem Grafen von Schulenburg. Aber bie Schlacht bei Frauftabt nahm einen andern Berlauf, als ber Rurfürft-Ronig erwartet hatte. Die toniglichen Truppen erlitten eine vollftandige Rieberlage. "Der fachfischen Armee", bemertte Schulenburg in feinem Bericht, "mangelte ber gottliche Beiftand." Rach diefein Erfolg beschloß Rarl, Rhenschiolds Geerhaufen an fich zu ziehen und mit ber bereinigten Rriegsmacht seinen Feind im eigenen Sande aufzusuchen, jur großen Freude des Baren, der dadurch Beit gewann, sein Eroberungswert in den Oftseelandern durchzuführen. Rarl hatte micht zu befürchten, daß ihm von Seiten bes Raifers ober bes Reiche Schwierigkeiten bereitet wurden, als er, begleitet von seinem Schützling Stanislaus durch Schleffen in die Laufit einructe und

Mug. und die Ober und die Elbe überfchreitend in bas Berg bon Sachfen brang. Raifer Joseph, ber turz vorber die Berrichaft angetreten, mar mit bem Erbfolgefrieg und mit ben ungarifchen Bewegungen fo vollauf befchaftigt, bag er fich mobil butete, auch noch ben fiegreichen Rriegsfürsten bes Rorbens zu reigen. Satte boch vor zwei Jahren August fich bei ber Begführung ber Sobiesti auch nicht um bie Reutralität befünmert. In furgem ftand ber Schwebentonia in ber Rabe pon Leipzig und nahm fein Sauptquartier auf einem Rittergut bei Altranftadt. "Abgemattet, abgeriffen fogar die Offiziere, die Manuschaft mager und gelb, Bigeunern nicht unahnlich" fo wird die fowebifde Armee von 24,000 Beteranen geschilbert, bie in Sachsen gelagert war. In Bien gerieth man in Schreden. Man fürchtete einen zweiten Guftav Abolf und fandte ben Bicefanzler Bratislaw ab, um den Ronig bei freundschaftlicher Gefinnung zu erhalten. Auf ben Rath bes Grafen beeilte fich ber Raifer ben ichlefischen Brotestanten, Die ben alaubens. verwandten Monarden um feinen Schut und feine Bermittelung angegangen, einige Erleichterung gegen ben Religionsbrud ber Jefuiten und Ultramontanen au gewähren und die Gerftellung ber i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ben Evangelischen gewährleisteten Rechte zu versprechen. Bei dem durch Conderintereffen gespaltenen Reichstag in Regensburg mar tein Befchluß megen Lanbfriebensbruchs zu erzielen. Bor Allem fürchtete man in Bien und bei ben Berbundeten bie Bieberholung eines frangofisch-fcwebischen Bundniffes. Bir wiffen, daß Ludwig XIV. und Marschall Billars einleitende Schritte bazu thaten (S. 810). Damals erfcien Marlborough im Lager von Altranftabt und versuchte auch bei bem Schweden.

tonig feine boffiche und biplomatische Runft. Er erreichte feinen Broed. Rart verschmabte ben Bund mit bem Monarchen von Berfailles, ber ihm eben fo nnspunpathisch war, wie Friedrich August in Dresben und mischte fich nicht in die Angelegenheiten ber Gud- umb Beftstraten.

Das fachfifche Bolt unifte für ben unruhigen Chegeig feines Fürften fchwer griegenoth bugen. Denn trop der ftrengen Mannszucht, Die Rarl fets handhabte, wurde und Frieden von altranbas Band burch die feindliche Rriegsmacht schredlich mitgenommen. Die Gin- nabt. quartierungen, Rriegssteuern, Contributionen nahmen fein Ende; die Ginwohner des flachen Landes flüchteten fich in die Städte, die Königsfamilie fuchte Schut im Rachbarlande. "Bon ihrem turfürftlichen Landesregiment an blindes Geborden gewöhnt, unterwarfen fich Bauern und ftadtifche Burgerschaften Rurfachfens ohne Gedanten an Biberftand. Unftatt die Guteunterthanen zu maffnen und felbft ju Roffe ju fleigen, raumten bie fachfifchen Cbelleute Schlöffer und Behöfte ber fcwebischen Einquartierung. Bor bem fremben Gewalthaber in ben Staub gebengt, erbettette Rurjachsens Abel Die Brivilegien altständischer Stenerfreiheit, um bie Laften fcwebifcher Rriegscontribution auf die Schultern bes Landmannes und Stabters abzumalzen". Die furfürstlichen Rathe und Beamten entehrten fich burch Gervilitat und Pflichtvergeffenheit. Das Aurfürstenthum qu retten, fchidte August, ber unterbeffen nach Barichau gurudgelehrt mar, zwei Bevollmächtigte, Pfingften und Imhof in bas ichwebische Sauptquartier, um Friedensunterhandlungen einzuleiten. Beibe waren Mitglieder bes geheinen Rathecollegiums in Dresden, das turg gubor ben Livlander Battul, ber als außerordentlicher Gefandter bes Baren und Befehlshaber der ruffifchen Gulfs. mannichaften in Augusts Diensten fich in ber Elbestadt aufhielt und ben fach. fifchen Rathen durch feinen Gifer für die Sache feines Beren fehr befchwerlich fiel, hatte verhaften und auf ben Ronigstein abführen laffen. Der Rurfürst-Ronig, bem fie ben unbequemen Frembling als einen gefährlichen verratherischen Mann ichilderten, welcher bie ruffischen Truppen bem Raifer habe guführen und ben Bar von der Sache feines Bundesgenoffen trennen wollen, billigte Dies Berfahren, ohne auf den gefandtichaftlichen Charafter Pattuls Rudficht zu nehmen. Die Friedensbedingungen, die Rarl XII. ben fachfischen Unterhandlern ftellte, waren für ben übermuthigen autofratischen Fürsten bemuthigenb und schnachvoll: Friedrich August follte für fich und feine Rachtommen ber polnischen Rrone entfagen und Stanislaus als Ronig anertennen, er follte fein Bundniß mit bem Baren auflofen, die Sohne Sobiesti's in Freiheit fegen und Patful ausliefern. Bie jum Bohne wollte ihm ber femebifche Monarch geftatten, ben Ronigstitel noch ferner zu führen. Die fachfifchen Rathe gingen auf Alles ein: traft ihrer unbefdrantten Bollmacht unterzeichneten fie ben Frieden von Altranftadt. Am 24. Sept. bereitwilligsten vollzogen fie die Auslieferung Pattuls. Der ungludliche Gefangene murbe bom Ronigstein abgeholt und ben Schwedischen Commiffarien überliefert, Die ihn unter icharfer Aufficht hielten. Bis die Bestätigung ber Friedens.

artitel aus Baricau eingetroffen fein wurde, blieb bas fowebifche Beer noch in Sachsen und mußte bom Lande unterhalten werden. Beiche Rothstände und Drangfale baburch über bas Bolt tamen, ift nicht zu beschreiben. Satten ichon bisher die Ausgaben, für die Sofhaltung, für den Rrieg, für die Erlangung und Behauptung ber polnischen Schattenkrone die Rrafte des Landes erichopft, fo erreichte jest das Elend den bochften Brad. Man berechnete die Rosten der fcmedischen Occupation auf 21 bis 23 Millionen. Sunger, Dishandlung, Armuth trieben die Menschen zur Berzweiflung; mancher legte Sand an fich selbft. Und boch veranstaltete, mabrend die Stande mit Seufzen die hoben Steuern und Abgaben genehmigten und der verarmte Bauer fast verhungerte, der Aurfürft ein prachtvolles Hoffest nach dem andern, verschwendete unermegliche Summen für Luftfcbloffer, übte fürftliche Freigebigleit gegen feine Matreffen und natürlichen Rinder und wetteiferte in glangender Runftentfaltung mit Baris und Bien.

29. Oft. bei Ralifc eine Riederlage beibrachte, ein Erfolg, für welchen jener von Raifer Joseph in den Reichsfürftenftand erhoben ward. August entschuldigte fich bei Rarl, daß feine Rathe ihm sowohl die wirlichen Bedingungen als ben endgültigen Abschluß bes Bergleichs vorenthalten, und suchte den Burnenden ju befanftigen; aber Riemand glaubte ibm und fein nachheriges Benehmen gab Beugnis, bas er nur fo lange die Friedensartitel zu halten gesonnen sei, als der 3mang der Rothwendigkeit auf ihm laftete. Seine leichtfinnige oberflächliche Ratur machte es ihm fogar möglich, den beiden Königen in Altranftadt 19. 3an. einen Besuch abzustatten und sammtliche Artitel des Bertrags ju bestätigen. Belde Begenfage boten fich ba bem Muge bes Beschauers bar! Der in fürstlicher Pracht und herrlichkeit auftretende Friedrich August, das Mufter eines galanten Cavaliers nach ber Mode von Berfailles, der gefeierte Beld ber Damen und ber adeligen Berren, der impofante ritterliche gurft im pruntenden hoffleide gegenüber dem fcwedischen Beffentonig von den einfachsten Formen und Gewohnheiten! Rarl XII. war eine vollkommene

August II. Die zweideutige Haltung des Kurzurnen wur Die Bungen, Denn vier Wochen fpater, u. Karl XII. Rriegsmacht noch ein ganzes Jahr in Sachsen liegen blieb. Denn vier Wochen spater,

Die zweideutige Saltung des Aurfürsten war die paupturfache, daß die feindliche

als August den Friedensvertrag ichon bestätigt hatte, standen toniglich-polnifche Truppen bei dem ruffifden Beere, mit welchem Menfcitow bem fdwedifden General Marberfeld

Marfchen und in Rampfen unterzog er fich den größten Befcwerben, Entbehrungen und Gefahren; weiblichen Unigang mied er; nur das Rriegeleben mit feinen aufregenden Eindruden und Bechselfallen hatte für ihn Reiz; bas Getofe ber Schlacht, das Pfeifen der Rugein, das Biebern der Streitroffe ging ibm über Opern, Soffefte und Concerte. Ratfuls Endlich jog das schwedische heer aus Sachsen ab. Pattul mar bereits in das Enbe. Posensche vorausgeschidt worden, um bei einem schwedischen Dragonerregiment, das

Soldatennatur, seine Mäßigkeit ging so weit, daß er in niedriger Stube mit ungeschmudten Banden wohnte, fich aller geiftigen Getrante enthielt und im Belbe mit geringer Solbatentoft begnügte. Sommer und Binter trug er dieselbe ungierliche Rleidung, große Reiterftiefel und einen langen Solbatenrod mit Deffingfnopfen; auf

bei Rasimiers in der Bojewodschaft Ralisch sein Quartier hatte, vor ein Kriegsgericht geftellt ju werden. Mus dem Schidfale des minder fculdigen Baptul tonnte man auf das feines bedeutenderen Landsmannes foliegen. Bergebens fuchte Beter den livlandifchen Chelmann ju retten, indem er die Bermittelung ber auswärtigen Sofe anrief und gegen feinen bisberigen Bundesgenoffen August Die barten Befdulbigungen erhob, bas

er nicht nur durch Abschließung eines Sonderfriedens treulos an ihm gehandelt, sondern auch wider fein Berfprechen, den Gefangenen beimlich entflichen gu laffen, burch Muslieferung deffelben an den Todfeind bas Bollerrecht verlegt habe; ber ergurnte Schwebentonig wollte das Opfer feiner Rache nicht fahren laffen. Der Ausgang des Ungludligen war fcredlig. Battul wurde durch triegsrichterlichen Spruch des Landesverraths und der Majeftatsbeleidigung fouldig ertannt und jum Code verurtheilt. Die Sinrichtung war furchtbar. Rachdem man ihn langfam geradert, folug man bem Salb- 10. Dtt. todten den Ropf ab und trennte dann den Rörper in vier Theile um fie auf das Rad ju pflangen. Der welttundige Chelmann hatte in einer tiefbewegten Beit eine Babn eingefclagen, die fruher oder fpater ju einem fclimmen Ausgang fuhren mußte. patriotifder Mann voll heißer Liebe fur die alten ftanbifden Rechte feines Baterlandes wollte er die ichwedische Berricaft, von der er diese Rechte gefährdet fah, abwerfen : als er ertannte, daß der polnische Staat und fein leichtfertiger Ronig nicht die Rraft und Sabigkeit batten, bas liblanbifche Bolt zu befreien und zu ftuten, erblidte er ben einzigen Beg ber Rettung in dem Anschluß der Proving an das machtige Moscowiterreid und feinen farten herricher. Bon bem Bewunderer fremder Sitten erwartete er Berftellung und Beachtung deutschen Rechtes und Erhaltung und Begunftigung beutscher Cultur bei feinen Landeleuten. Der Urheber Diefer Bolitit ift vor Bollendung feines Berts aus bem Leben geschieden, aber fein Plan ging in Erfüllung. Db der Laufch der Berricaft ein gludlicher war, ob Pattul als Martyrer für eine gute Sache ober als Landesverrather gestorben, darüber waren die Meinungen der Belt verschieden. Um fo einmuthiger lautete bas Berbammungsurtheil über bie rechtsverlegende Graufamfeit, womit der fdmedifde Ronig feinen ruhmvollen Ramen befledte, und über die ehrbergeffene Charatterlofigteit des Rurfürften. Der Bar rief den Born Gottes über den eid- Saltung Augufte 11. brudigen Bundesgenoffen berab. Bergebens fuchte August die zwiefache Somach bes gebrochenen Ronigsworts in Polen und des Bundesverrathe an Rufland von fich abaumalgen, indem er die hauptschuld auf die Unterhandler ichob, welche ihre Bollmachten überschritten und ihm die Friedensartitel von Altranftadt nicht vollständig mitgetheilt hatten : die Belt ließ fich nicht taufchen, wenngleich die beiben Rathe nach demfelben Ronigftein in Saft gebracht murben, mo vorher Battul geschmachtet hatte. Bfingften blieb bis an feinen Sod in der Gefangenschaft, Imhof ertaufte fich nach fieben Jahren die Freiheit durch eine Gelbsumme bon 40,000 Thalern.

## 2. Pultawa und Bender.

Indes Rarl XII. ftarrfinnig feinen Entthronungsplan gegen August ber- Beter an folgte, benutte Beter die Abwesenheit ber fcmebifchen Streitfrafte, um fich Ingermanland und einen Theil von Livland und Efthland an unterwerfen und festen Buß an der Oftsee zu faffen. Er verfuhr, als ob er des Landes ichon ficher ware und die Croberungen ibm nie mehr entriffen werben konnten. Er erbaute Schluffelburg und Rronftadt; er ließ die Riederungen an der Newa mit unfaglicher Mube durch Leibeigene, die auf zweihundert Meilen zusammengetrieben wurden, austrodnen und legte ben Grund gu ber neuen Refibeng Betersburg. Aus Mostau und andern Städten mußten Abelige, Raufleute und Sandwerter mit ihren Familien babin überfiedeln; auch Ausländer wurden zur Sinwanderung aufgemuntert. Balb fuhren bollandische Schiffe bie Rema hinauf und leiteten biretten Bertehr mit Rufland ein. Ueberall, wo der Bar in Efthland und Sivland Meister war, ließ er sich huldigen, bei welcher Gelegenheit er die religiösen und bürgerlichen Rechte und Freiheiten gewährleistete. Den Schweben, die unter Lewenhaupt in den Oftseeprovinzen zurückgeblieben waren, suchte er immer mehr Boden abzugewinnen, durch Berwüstung von Widerstand abschreckend. —

Rari XII. Der Bar mochte mit einiger Bangiakeit auf feine neuen Schopfungen bliden. Austand als Rarl XIL, nachdem er seinen bisherigen Gegner und ben fachfischen hof durch einen unerwarteten Besuch in Dresden überrascht hatte, im Gerbft über Sept. 1707. Schlesten nach Bolen gurudgog, um feine fiegreichen Baffen gegen feinen letten und machtigften Teind ju fehren. Aber ju Beters Glud mablte Rarl nicht bie Oftseelander jum Rriegeschauplate, sondern beschloß, auf Mostau loszuruden und in bas Berg von Rufland ju bringen. Bie er einft ben Danenfonig in Rovenbagen, wie er August II. in Barichan und im Sachlenlande angegriffen und zur Unterwerfung gezwungen; fo wollte er nun auch ben Baren im Mittelpuntt feines Reiches auffuchen und überwinden. Er nahm Grobno und Bilna 10. Juli weg, seste im Juni über die Berezina und schlug nach dem Treffen von Golowtichin ben Beg nach Smolenet ein. Rein ruffifches Beer bestand bor bem tolltuhnen Rönig, ber an ber Spige seiner tapfern Truppen, die er in Sachsen durch Berbungen verftartt hatte, Fluffe burchmatete und meglofe Moraftgegenden Rarl XII. burchschritt. Run trat aber eine Bendung in Rarls Glud ein. Er hatte in

Rael XII. bui u. Mazeppa. Ra Ro Sci

Radoszlowize, etliche Meilen von Minst mit Mazeppa, dem Hetman der Rosaten einen Bundesvertrag geschlossen, worin der alte Heerführer versprach, dem Schweden zum Besit von Severien und der Ukraine zu verhelfen; dafür sollte er selbst die Bojewodschaften Bitepst und Polozk als selbständiges Herzogthum erhalten. Es war keine ungeschiekte Politik von Seiten des Schwedenkönigs, den Rosaksschen Soldatenstaat mit dem ihm nunmehr besreundeten Königreich Polen wieder zu vereinigen und einen starken Keil in das Jarenreich von Moskau zu treiben; allein die Persönlichkeit Mazeppa's und die nurnhige Hatls machten alle Pläne, alle Berechnungen scheitern. Mazeppa war ein zweideutiger Ränkschmied, der einst durch treulose Kinske sich die Hauptmannschaft über die Rosaksen verschafft (S. 690) und zwanzig Jahre lang durch dieselben Mittelsich in der Stellung zu behaupten gewußt hatte. Er spiegelte dem König vor, daß seine Erscheinung die unzusriedenen Rosaksensten würde.

Karl in ber Ufraine.

Rarl schenkte dem verschlagenen und ehrgeizigen Mann Glauben und anderte seinen bisherigen Kriegsplan. Unstatt seinen Feldherrn Lewenhaupt, der von Livland aus mit frischen Truppen und mit Kleidung und Rahrungsmitteln für das ermattete und entblößte Heer auf dem Bege zu ihm war, abzuwarten und dann mit vereinten Kräften auf Smolenst loszugehen, wandte er sich von Mohilew aus südwärts und zog auf höchst beschwerlichen Märschen in die von Baldern und Steppen durchzogene Ukraine ein, um im Bunde mit dem streitbaren Reitervolk die südlichen Landschaften, wo noch polnische Sympathien in der Stille

fortlebten, von Rufland loszureißen. Dies gab bem Mostowiter Gelegenheit. junachft mit überlegenen Streitfraften fich auf Lewenhaupt zu werfen und ibn bei Liesna anzugreifen. In dieser Schlacht legten die Russen "die erste Probe in 23. Det. der Rriegstunft" ab. Wie glanzend immer Lewenhaupt mabrend bes Treffens und auf dem Rudang feine ftrategische Meifterschaft bewährte, fo tonnte er boch nur nach Aufopferung feiner gangen Artillerie, alles Gepack und aller Borrathe mit geschwächten Beerhaufen den rafilos vorwarts eilenden Ronig erreichen. Auf die herbstlichen Regenguffe, welche Rrantheiten erzeugten und die Bege gerftorten, folgte ein außerst harter Winter (G. 818 f.), ber die Leiden und Rothstande ber Truppen zu einer fast unerträglichen Sohe fleigerte. Dennoch fette Rarl seinen Marfch fort, obwobi fich bald herausstellte, daß Mazeppa's Berheißungen nicht in Erfüllung gebracht werben tonnten. Als bie Sauptleute ber Beergemeinde aus dem Munde ihres hetman von feinem mit Rarl XII. abgeschloffenen Bertrag Runde erhielten, zeigten fie wenig Luft, fich der ruffischen Schubberrlichkeit ju entziehen und aufe Reue die Rriegefnrie fruberer Jahre über ihr Land ju bringen. Bielmehr leifteten fie bem ruffifchen Feldheren Menfchitom, welcher gur Besehung ber Stadte berbeitam, allen Borfchub. Mazeppa's Refidenz Baturin wurde ausgeplündert und gerftort und ein neuer Betmann gewählt, der an der Bereinigung mit dem Baren festhielt. Mazeppa hatte bem Rönig 30,000 Rofaten in Aussicht gestellt; aber nur eiwa 5000 schloffen fich ihm an, und felbst diefe verließen ihn nach einigen Tagen, so daß er als Flüchtling mit einem tleinen Befolge im fdwedifden Lager erfchien.

Richts bermochte aber ben ftarrfinnigen Ronig von feinem Borhaben ab. Die Schlacht jubringen; alle Borftellungen feiner Freunde berachtend rannte er blindlings in tama u. ihre sein Berderben. Die winterliche Jahreszeit forderte immer mehr Opfer: viele der abgeharteten Rrieger erlagen der Ralte, Taufenden erftarrien Bande und Buse; feindliche Schaaren, die ihnen auf bem Fuße nachrucken und jebe miß. liche Lage zu Angriffen benutten, lahmten ben Muth, und ber Abgang von Lebensmitteln brach auch bes Stärtften Rrafte. "Tod ober Brod" mar die Losung ; Alle wunschten eine Entscheidung. Endlich fchritt Rarl zur Belagerung der feften Mpil 1709. Sauptstadt Pultawa; aber bei dem Mangel an Geschüt konnte wenig ausgerichtet werben. Die Belagerung bauerte mehrere Monate, bis ber Bar felbft an ber Spige einer bedeutenden Streitmacht unter ben Felbherren Scherenetem, Menschitow, Galigon, Dolgoruti u. a. vor Bultawa erschien, die schwedische Armee umftellte und den Ronig, der turg zubor in einem fleinen Gefechte gegen Rofatenhaufen am Fuße bermundet worden mar, zu einer Schlacht zwang, in welcher fich entscheiben mußte, ob Schweben seine burch Guftav Abolf errungene Stellung in Europa behaupten oder ob Peter der Große feiner flavischen Dacht das Uebergewicht geben wurde. Die Schlacht bei Pultama entschied wider die 8. Juli 1709. Schweden, fo fehr die alten Rrieger auch bei diefer Gelegenheit gegen den ihnen an Starte weit überlegenen Feind ihre Tapfertelt und militarifche Erfahrung

bemährten. Rhenschiold, ber die Anordnungen getroffen, Graf Biper und viele ber erften Militarbeamten geriethen in Gefangenschaft, alles Gepad und Die reiche Rriegstaffe fiel in die Bande ber Sieger. Rarl XII. wurde aus bem stolzen Ueberwinder dreier Konige ein bulfloser Münchtling, der fich nur burch die angestrengteste Flucht mit etwa zweitausend Begleitern, darunter Mazeppa, über ben Onieper und bann nach ben beschwerlichsten Marfchen in ber obdach- und nahrungelofen Steppe auf bas turtifche Gebiet rettete. Er hatte taum ben Grengfluß Bug bei Oczatow überschritten, um fich nach Bender zu begeben, als die Ruffen am andern Ufer ankamen. Lewenhaupt, beffen Feindschaft mit Rhenschiold nicht wenig zum Berluft ber Schlacht beigetragen batte, sammelte bie Refte ber Alüchtigen und Bersprengten; da aber bei dem Mangel an Rahrung und Gefout tein Rudzug möglich mar, fo ergab er fich mit 15 bis 18,000 Dann. Rur wenige der tapfern Rrieger faben die Beimath wieder; die fremden Offiziere und Soldaten traten großentheils in ruffische Dienste und maren bem Baren bei feinen militärischen Reformen bebulflich; Die übrigen wurden in dem weiten Reiche gerstreut, und starben theils in ben Bergwerten Sibiriens, theils als Bettler auf ben Landstraßen, ober fie erwarben fich ihren Lebensbedarf burch Unterricht in allen Dingen bes praktischen Biffens und Ronnens. Go murbe bas belbenmnthige Beer, gleich bewunderungswurdig im Dulben wie im Bandeln, vernichtet. "Unfern Beind hat Phaeton's Schidfal getroffen und fest gefentt ift endlich ber Grundstein unserer Newastadt" schrieb ber Bar an ben Abmiral Apraxin in Betersburg. Er hatte alle Ursache ben Schlachttag bei Bultama burch eine jabrliche Reier im Andenten ber ruffischen Bevolterung zu erhalten.

Rarl XII. in ber Turfei

Rarl XII. wurde von den Türken ehrenvoll aufgenommen und großmuthig und Die Ers behandelt. In seinem Lager por Bender lebte er als Gaftfreund bes Sultans Dreifurftene in königlicher Beise; die Pforte leitete Unterhandlungen mit dem Baren ein, daß er feinen Gegner ungefährdet nach Polen ziehen laffe. Aber ber Gedante als Befiegter ohne heer in feine Staaten gurudzutehren, war der ftolgen Seele Raris unerträglich. Er wollte die Türken ju einem Rrieg mit Rugland bewegen und bann an ihrer Spige die Staaten seines Feindes durchziehen. Die Moscowiter hatten mabrend bes gehnjährigen Friedens ber Pforte Unlag genug gum Dig. trauen, jur Gifersucht, ju Rlagen über Ginmifchung in Die Grenglande gegeben: auch tonnte man in Ronftantinopel nicht ruhig zusehen, daß bas ruffische Reich nach allen Seiten fich ausbehne und als Schupmacht ber driftlich-flavifden Bolter auftrete. Auf Grund diefer Rivalitat hoffte Rarl XII. Die Osmanische Regierung zu einem Rriegsbund mit Schweden und Polen zu bringen und feste au bem Ende alle diplomatischen Runfte und alle Bebel ber Bestechung und Intrique in Konstantinopel in Bewegung, um im Serail eine gunftige Stimmung au erzeugen. Bahrend er aber in Benber Beit und Rrafte vergeubete, um die einem ruffischen Rriege abgeneigte Pforte für feine Plane ju gewinnen, erneuerten feine brei Begner die frubere Alliang. Der ruffifche Bar, bem ja ohnebics be:

Löwenantheil an der mit gemeinschaftlichen Anftrengungen zu erwerbenden Beute zufallen mußte, verzieh dem fächfisch-polnischen Bundesgenoffen den Altranftadter Frieden und unterftutte ihn bei der Biedereroberung von Polen. Es fiel dem Aurfürst-Rönig nicht schwer, nachdem er bas mit Rarl und Stanislaus eingegangene Abtommen als ein erzwungenes widerrufen, mit Gulfe des confoderirten Abels und der russischen Parteiganger in Litthauen und Polen, der Oginsti, Radzivil u. a. den Bürgerfrieg, ber bie gange Beit über fortgedauert hatte, von Reuein ju schüren. Benige Bochen nach bem Tage von Pultawa fab fich Beszeinski Aug. 1709. jur Flucht nach Pommern genöthigt, mahrend Angust II. wieder als Herrscher in Barfchau einzog und die Senatoren bewog, dem Moscowiter ihren Gluckwunsch über seinen Sieg auszusprechen, "durch den er ihre Freiheit gerettet habe."

Und follte Ronig Friedrich IV. von Danemart nicht auch verfuchen; fich bes Danemart Eravendaler Friedens zu entledigen? Als der Bergog von Solftein-Gottorp bei Cliffot Gottorp. die Todeswunde empfangen, übernahm die verwittwete Bergogin Bedwig Sophie die vormundicaftliche Regierung über ihren minderjahrigen Sohn Rarl Friedrich. Als Schwester Rarls XII. neigte fle zu Schweden und wendete ihre Gunst dem talentvollen, gewandten aber rankefüchtigen Baron Georg Beinrich bon Gorg aus einem alten franklichen Rittergeschlichte zu, welcher ihre ichwebischen Sympathien theilte und balb eine wunderbare diplomatifch-politische Thatigkeit entfaltete. Go lange Ronig Rarl bom Glud begunftigt mar, hielt Friedrich IV. mit feiner feindfeligen Gefinnung gurud; boch wendete er bem heerwefen große Sorgfalt gu, damit er bei gunftiger Belegenheit fefter auftreten tonne : um die Bauernfohne gur Behrpflicht beigugieben, ichaffte er auf den Krongutern die Leibeigenschaft ab und munterte den Grundadel gur Rachahmung auf; indem er aber die Guishörigkeit fortbestehen ließ, jede Freigugigkeit unterfagte, brachte die Einrichtung dem geringen Mann mehr Rachtheil als Rugen. wiffen nahm Friedrich auch am fpanischen Erbfolgefrieg in fo fern Theil, daß er den Berbundeten danische Mannschaft gegen Subsidiengelder abließ. Dies hatte für ihn den zweifachen Bortheil, daß er maffengeubte Truppen erhielt und zugleich die nothigen Geldmittel, um nicht an Berschwendung für Hoffeste, Spiel und Mätressen hinter andern Fürften jurudfteben ju muffen. Denn auch in Ropenhagen gab es Mergernis genug, daß der Ronig fich von feiner Gemablin trennte um mit der hofdame Schindel gu leben. Im Jahr 1708 hatte er eine Reise nach Italien unternommen, wo er es an Bergnugungen und Liebicaften nicht fehlen ließ. Um diefelbe Beit ftarb die Bergogin bon Solftein-Bottorp und ihr Schmager Chriftian August, der ihr fcon bisher als Administrator jur Seite gestanden und nun das Regiment allein führte, folgte gang den Eingebungen bes Baron, nunmehr Grafen von Gorg. Der rechtstundige aber habgierige und bestechliche Beddertop, ber nach Danemart hinneigte, wurde in Saft geset und der fluge in Rabalen und Anschlägen unerschöpfliche Cavalier entfaltete nun in den drei nordischen Staaten eine rantevolle Thatigteit. Auf ber Rudreise ftattete ber Danentonig bem Dresbener Bof einen Besuch ab und erneuerte mit Friedrich August die frühere Bundesgemeinschaft: während der Bar fich in den Oftseeprovinzen festsette, August die Anhänger Lesczinsti's jur Unterwerfung brachte, gedachte der Dane in Solftein und in den deutschen Befigungen der Schweden Eroberungen zu machen. Bugleich fuchten beibe ben Ronig bon Preußen jum Anschluß zu bewegen. Ihre Unwefenheit in Berlin gab zu neuen Seftlichkeiten Beranlaffung, boch ließ fich ber alte vorfichtige Fürft nicht aus feiner gurudhaltenden Politit brangen. Defto geneigter mar ber Bar, auch den Danen in den Bund aufzunehmen.

Grneuerung bes Rriegs.

So erneute sich denn der Krieg gegen Schweden auf verschiedenen Seiten, mabrend zugleich im Lande felbst die alte Abelsparteiung wieder auflebte und ber Bauer und Burger unter ber Laft ber Beffeuerung und ber Ausbebung erlag. Und bennoch hielten die schwebischen Truppen auch jest noch ihren alten Rriegs-

1710. ruhm aufrecht. Sie konnten freilich nicht verhindern, bag Beter icon im Januar durch ben General Roftig die Stadt Elbing einnahm, die Burgerschaft mit Contributionen bedrückte und einen großen Theil ber Ginwohner in bas Innere von Rußland verpflanzte, daß er von der See aus Wiborg und Rexholm in Karelien

Bunt gur Ergebung zwang und mit ben weggeführten Schweben die Bevollerung feiner neuen Saubiftadt Betersburg vermehrte, bag er, nachdem ber General Schere-4. Jull. metem in einem langen furchtbaren Belagerungstrieg Riga gur Capitulation ge-

bracht, die Eroberung Liblands und Efthlands vollendete und die Sinverleibung ber Oftfeeprovingen in bas ruffifche Reich unter Gewährleiftung ihrer alten Ginrichtungen und Rechte, ber Sprache, Religion und Rechteinstitute burchführte; bagegen wurde ber Ronig von Danemart, als er mit einem Beer nach Schonen überfette, um die alten Besitungen gurudguerobern, von einer tleinen Armee abgeharteter fcwedischen Bauernsoldaten unter bem Dberbefehl bes Grafen Steenbod Für die deutsch-schwedischen Landschaften und Städte berzurüdgeschlagen. mittelten bie Seemachte in bem "Baager Concert" einen neutralen Friedenszustand, ben jedoch Rarl XII. nicht anerkannte; in Bolen bauerte der Ranwf der Abelaconfoberationen unter der gabne von Stanislaus ober August II. fort und führte zu einer politischen Berwilderung, die den Staat in ben Abgrund gu fturgen drobte. Schon damals wurden zwischen Beter, August und Friedrich I. von Preußen über eine Theilung des polnischen Reiches biplomatische Unter handlungen gepflogen.

Rarl XII. in Benber unb

Unterdeffen lebte Rarl XII. in dem Beltlager bei Bender in feiner gewohnten bie Pforte. Soldatenweise fort. Als die Niederung, wo er anfangs feinen Bohnfis aufgeschlagen, häufigen Ueberschwemmungen ausgesett war, bezog er mit feinem Befolge und seiner Rriegerschaar, die burch Flüchtige und Bersprengte fich fortwährend mehrte, das hober gelegene Dorf Barniga, bas nach und nach das Ansehen einer befestigten Militar- und Lagerstadt erhielt. Er gab ben Gedanken nicht auf, ben Diban zu einer Rriegeerflarung gegen Aufland zu bewegen. Bei ber offenkundigen Absicht bes Baren die driftlichen Bafallenstaaten an der Donau in ahnlicher Beise an bas Mostowiterreich zu fesseln, wie bie Oftseeprovingen, und das ichwarze Meer ben ruffifden Schiffen zu öffnen, ichien ein ichwedischtürkischer Ariegsbund, für ben man auch die Lesezinskische Partei in Polen gewinnen tomte, eine natürliche Politik, ein Alt ber Gelbftvertheibigung gegen die brobenbe Uebermacht bes neuen Barenveichs. Allein die Türkei ging feit dem Frieden von Carlowicz mit rafchem Schritten bem Berfall entgegen. Muftafa II., ber bie Schmach über einem mußigen Freudeuleben in Abrianopel vergaß und Die Berwaltung des Reiches dem tyrannischen und habsuchtigen Mufti Scit

Reifullah und beffen Sohnen und Beichopfen überlies, wurde durch eine von ben Ulema und Sanitscharen ausgeführte Palastrevolution vom Thron in den Rerter 1703. gestoßen, ber berhafte Minister ermordet und Muftafa's Bruber Ahmed III. als Badifcha ausgerufen. Aber bas Reich gewann wenig bei bem Staatsftreich; auch ber neue Sultan vermochte bem erschlafften Gemeinwesen teine frifche Lebenstraft einzuhauchen; er war fowach und untriegerifch. Unter ihm wurde nun Konstantinopel und der Divan zum Schanplat ber Intriguen und politischen Parteiumtriebe. Betere Gefandter Tolftop fette alle Bebel in Bewegung, um die Pforte bei der Friedenspolitit zu erhalten und zur Ausweisung des Schwedenkönigs zu beftimmen, Rarl XII. bagegen wendete fich durch feinen Bevollmächtigten, den gewandten Bolen Graf Poniatowell an die altturtische Partei. Beide fuchten burch goldene Schluffel die Pforte bes Serail zu öffnen; benn auch Rarl hatte beträchtliche Summen zu feiner Berfügung: ber alte Mageppa war in Benber geftorben und hatte ibm feine Schate vermacht; englische und hollandische Raufhauser waren zu Darleben erbotig, manches tam ihm auch aus Schweden und ben deutsch-schwedischen Sandelsftabten ju. Es gelang auch wirklich dem Grafen Poniatowell burch ein geschicktes Rantespiel zwei Großwefire, welche an ber Friedenspolitit fefthielten, barunter Ruuman Röprili, ben letten Sproffen des hochbernbenten Reichsbeamten-Geschlechts, zu Fall zu bringen und zu bewirken, daß bas Staatkfiegel in die Sande Mohammed Baltabichi's von der altnationalen Rriegspartei gelegt warb.

Und nun dauerte es nicht lange, bag die Pforte an Rugland ben Rrieg er- Ehrficherufflarte. Die Befeftigung von Taganrog im Gebiete von Afow, ber Gingug ruf- Beter am nicher Eruppen in Polen, ein Bundniß bes Baren mit ben Fürsten ber Balachei und der Moldan, welche die türtische Schuthereschaft mit der ruffischen zu vertaufchen wunschten, boten ber Pforte Anlag genug ju friegerischem Borgeben. Ein beträchtliches Beer von Turten und Tataren feste unter bein Dberbefehl bes Großwesiers über die Donan und rudte in die Moldau ein, wo Scheremetem mit einem Theil der ruffischen Armee bereits eingetroffen war und Saffy befett hatte. Rarl XII. hatte gerne in Person Theil an bem Feldzug genommen; aber die Erwägung, daß er nur als "Bolontar" eine untergeordnete Rolle fpielen wurde, bielt ihn ab; doch befanden fich Boniatowsti und Graf Sparre im türkischen Lager. Balb nachber zog ber Bar felbst mit bem Sauptheer berbei, nachbem er Die Leitung ber Reichsgeschäfte in Mostau einem neuerrichteten Senat von acht Rathen übergeben, ben Gelbmarichall Menschitow mit ben Angelegenheiten ber Ostseeprovingen betraut und bor den Augen des Bolts und seiner Garden in einem feierlichen Gottesbienft ben Beiftanb bes himmels gegen die ungläubigen Friedensbrecher angerufen. Bie einft ber Schwebentonig burch Mazeppa fich zu bein ungludlichen Buge in die Ufraine hatte verloden laffen, fo traute auch jest ber Bar ben Borfpiegelungen bes Moldauischen Sofpodars Demetrius Rantemir, daß die Bevolterung bei feinem Erscheinen fich fur Rugland erklaren und fein

heer mit allen Bedurfniffen berfeben wurde. Daber führte er nur wenige Bor rathe mit fich. Aber die Sinwohner zeigten fich teineswegs entgegenkommend Buni 1711. fie fürchteten fich vor der Rache der Turten und Tataren. Im Juni festen di Ruffen über den Oniefter und zogen fieben Tage lang durch eine mafferlose, vo Baumen und Menschenwohnungen entblogte Bufte dem Bruth gu. Rabe biefes Bluffes zwischen Faltschi und Susch folug ber Bar fein Lager au und suchte durch wiederholte Angriffe ben Feind gurudtubrangen. Aber bi Uebermacht war zu groß. Die Ruffen blieben im Rachtheil, und in Rurger gerieth bas Beer, in ber burch Sumpfe und Fluffe abgeschnittenen Gegend alle Bufuhr beraubt, an Pferdefutter und Trinkvaffer Mangel leidend und von de Sataren umschwarmt, in eine verzweifelte Lage. Beter felbft fühlte Die gang Schwere bes Geschids, bas er fich burch feine unborfichtige Bermegenheit bereitet Das Schicfal Rarls XII. bei Pultawa schwebte ihm vor Augen. Seine Seel wurde von den schrecklichsten Borftellungen gequalt; einfam, in fein Belt gurud gezogen gab er fich ben trubfinnigften Betrachtungen bin. Damals foll er ber berühmten Brief geschrieben haben, in welchem er ben Genat aufforberte, in Kall feiner Gefangenschaft ihn nicht als Baren und Berrn mehr anzuseben und felbst eigenhandigen Schreiben nicht zu gehorchen, fondern einzig im Intereffe bes Reiches zu handeln, im Falle seines Tobes aber ben würdigsten unter ihnen jum Rachfolger zu mahlen, ein Schriftftud, bas, feine Schtheit vorausgefest, bem Baren einen Plat unter ben ersten Belben ber Geschichte zu fichern geeignet ift.

Briche von Aus dieser Lage, wo dem Deere nur Die Zouge De Commande der Bar durch 23. Init Berzweiflungskampf oder Gefangenschaft in Aussicht fand, wurde der Bar durch 1711.

Bricheit feiner Realeiterin Ratharina gerettet, jener zu Marienburg gefangenen lettischen Bauerin, die aus einer Sclavin Menschilows die angetraute Sattin bes Baren geworben und in ber Folge Beherrscherin aller Reuffen werden follte. Sie fand Mittel, ben politisch und militarisch wenig befähigten Große wefir durch Gold und Schmudfachen, die fie von den Offizieren fainmelte, dabin au bringen, daß er au Sufch mit bem Baren einen Frieden einging, durch welchen Beter fich verpflichtete, Stadt und Gebiet von Afow an die Pforte gurudgugeben, die Festungswerte von Taganrog zu schleifen, seine Truppen aus Polen au gieben und bein Schwebenkonig ben Durchaug burch feine Staaten au gestatten. Bie schwer es bein ruffischen Berricher fallen mochte, ben im Frieden bon Carlowicz erworbenen Bugang zu den pontischen Meeren wieder aufzugeben, so war er boch fehr erfreut, durch folche Opfer die Rettung feines Beeres vom brobenden Untergang zu erkaufen. Rarl XII., der erft nach dem Abschluß bes Friedens im türkischen Sauptquartier eintraf, schaumte bor Buth. Er bewirkte, daß der Großwesir vom Sultan in Ungnaden entlaffen ward, aber der Frieden tam boch nach einigen Bogerungen und neuen Rriegsbrohungen gur 1712. Ausführung.

Rarl XII. verschmähte die ihm gewährte Beimtehr in feine Staaten ; er blieb Rarle letter bei feinem Borfat, Die Pforte zu einem neuen Rrieg zu bringen, und berweilte bei ben Lurten und selbst bann noch in Warniga, als ihm die Regierung in Konstantinopel die Rudtebe. Baftfreundschaft fundigte, die bisher gereichte Geldunterftugung entzog und bas türkifche Gebiet zu verlassen befahl. Er ließ fich vom Sultan bas Reisegeld zahlen und blieb dennoch. Endlich erftürmten Janitscharen und Tataren sein Lager, steckten sein befestigtes Haus, in dem er sich mit Löwenkraft vertheidigte, in Brand und nahmen ihn bei einem wuthenden Ausfall gefangen. Doch behandelten fie ihn, voll Bewunderung für seine Tapferteit mit schonender Groß. muth. Der Unwille der turfifchen Soldaten über das gewaltsame Berfahren grubjage gegen ben erlauchten Gaft sprach fich so laut aus, daß der Sultan die Großbeamten, die den Befehl ertheilt hatten, ihrer Stellen entfehte. Aber die Rachfolger im Amte beharrten bei der Friedenspolitik gegen Rugland, fo daß dem Schwedenkonig jede hoffnung verschwand, mit einem turtischen Beer in Polen einzudringen. Und bennoch verblieb er noch mehrere Monate in Demotika und auf dem Lustschloß Demirtasch bei Abrianopel, wohin ihn die Janitscharen gebracht hatten, in türkischer Gefangenschaft und verzehrte seine Kraft in kindischem Sigenfinn. Um dem Großwesir keine Aufwartung machen zu muffen, brachte er mehrere Bochen im Bett gu. Der Polentonig Stanislaus, ber unter frembem Ramen bis nach Bender und Demotika vorgedrungen, fand für seine Borschläge einer Aussohnung mit August tein Gehör. Bar es zu verwundern, daß man anfing, den Ronig für geiftesverwirrt zu halten? Erft als man ihm meldete, daß auch die deutschen Besitzungen bis auf Stralfund und Wismar in die Hände ber Berbundeten gefallen seien, und daß man in Schweden mit dem Bedanten amgienge, einen Reichsberwefer zu ernennen, berließ er nach fünfjährigem Aufenthalte die Türkei und langte nach einer vierzehntägigen angestrengten Reise, die er ohne alle Unterbrechung meift zu Pferde fortsette, durch Ungarn und Deutschland ploglich vor den Thoren von Stralfund an. 27. Nov. 1714. -

3. Karls XII. Ausgang.

Bahrend König Karl XII. in Bender weilte, hatten die Schweden, troß Die Bors der finanziellen und militärischen Erschöpfung des Landes mit edler Anstrengung beutichs een zahlreichen Feinden Biderstand geleistet. Als die Danen das Herzogthum Bestignen. Bremen-Berden besetzen und im Begriff waren in Mecklenburg einzurücken, um een Berbündeten in Pommern die Hand zu reichen, wurden sie, obwohl weit tärker an Bahl, von dem schwedischen Seneral Stenbod bei Gadebusch aufs daupt geschlagen, ehe ihnen die Russen und Sachsen-Polen zu Hülfe kommen 20. Deebr. vonnten. Es war ein Glück für die Berbündeten, daß Stenbod sie nicht in Bommern aufsuchte, sondern von Rachsucht und Rationalhaß gespornt die Danen ihre die Elbe versolgte, nach der barbarischen Kriegsweise jener Beit die Handels-Beber, Bettgeschien. XII.

ftadt Altona in Afche legte und bann in Solftein einrudte. Durch Gorg und Bebr. 1718. Die fcwebische Bartei tam er jum Befit von Conningen. Bald anderte fic jedoch die Lage: Die Danen erhielten-ruffifche und fachfifche Bulfe, fo daß fie Riel, Bottorp, Schleswig befegen und die fcwedifche Armee in Sonningen ju einer Capitulation bringen tonnten, fraft beren Stenbod fich mit bem gangen elftausend Mann ftarten Befatungsbeer in banifche Rricgsgefangenschaft ergeben mußte. Der tapfere Mann mußte vier Jahre lang bis zu seinem Tobe (1717) ju Ropenhagen in einem engen Rerter fcmachten. Das Bergogthum und bie reichen Sandelsftabte an der Rufte wurden von Ariegenoth und Erpreffung ichwer beimgefucht. — Die Rudtunft Karls XII. erfüllte die Bergen ber Schweben mit neuem Rriegemuth; fie ftrengten ihre letten Rrafte an. Aber wie follte bas burch einen vierzehnjährigen Rrieg geschwächte, seiner ergiebigften Brovingen beraubte Band, beffen Staatstaffe erschöpft, beffen Credit verschwunden war, beffen tapfere Rrieger unter ber Scholle rubten ober in ber weiten Belt umberirrten, ber vereinten Rriegsmacht ber Berbundeten gewachsen fein! Bu bem Bunde ber drei Monarchen trat nun noch der neue Ronig Friedrich Bilhelm I. von Breugen und ber Rurfürft von Sannover, ber um dieselbe Beit ben englischen Ehron bestieg. Beide suchten burch Bertrage mit ben Berbundeten und burch Darleben auf Pfandicaft von ben ichwedischen Besitzungen in Deutschland bie an ihre Lander granzenden Territorien an fich ju bringen, ber erftere Pommern mit Stettin, ber lettere Bremen-Berben. Balb nahmen fie am Rriege gegen Schweben thatigen Antheil. Erot aller Tapferkeit, welche die schwedischen Truppen unter den Augen Rarls in Stralfund an Tag legten, und trop der militärifchen Tugenden, durch die ber belbenmuthige Ronig bon jeber Offiziere und Gemeine ju begeiftern und an fich ju feffeln verftand, tonnte Pommern gegen ben breifach überlegenen Reind nicht behauptet werden. Das Blut der tapfern Manner floß umfonft. Bon Sachfen, Sannover und Breugen bedrangt gab Dece. 1716. endlich Rarl die feste Seeburg auf und feste nach Schweden über, um eine bon Ruffen und Danen beabsichtigte Landung im eigenen Reiche abzuwehren. Rach feiner Entfernung tam gang Borpommern mit Stralfund und der bon Leopold bon Deffau eroberten Infel Rugen in die Gewalt ber Preußen. Alle nordischen Lanber und Meere waren um diefe Beit ber Schanplag berheerender Rriege, wo fich Ruffen, Danen und Deutsche umbertummelten, voll Begierde ben urfpringlichen Raubpian nunmehr unter gunftigeren Umftanden und mit vermehrten Rraften gur Ausführung ju bringen. Bie viel hatten bamals die reichen Sanbeleftabte an ben Geftaben bes Meeres von ber Robbeit und Brutalitat ber Soldaten, bon ber Sabgier und ben Erpreffungen eines Menschilow, eines Blemming und Genoffen zu leiden! Bie oft waren die Berbundeten unter fic felbst voll Saber und Diftrauen; benn es trat beutlich genug gu Tage, bak Rugland fich die Berrichaft ber Oftfee und ber Ruftenlander anzueignen ftrebe. hatte fich boch bereits ber Bergog Rarl Leopold von Medlenburg, bem Beter

seine Richte Katharina Iwanowna in die Che gegeben, in eine Art Basallenverhältniß zu dem Zaren gestellt! Bald ging auch Wismar, die letzte schwedische Besitzung auf deutschem Boden verloren. Und noch immer wollte der starrsinnige König von keinem Frieden hören.

Um biefe Beit geschah es, bag ber Graf von Gorg aus holfteinischen in Graf Gorg. ichwedische Dienste trat und burch feine Talente, feine gewandten Manieren als hofmann und Cavalier und feinen fruchtbaren, beweglichen Beift fich in Rurgem das Bertronen und die Gunft Rarls erwarb. Mit ungemeiner Thatigfeit marf fich der vielgeschäftige, an Entwurfen und Planen reiche Staatsmann in die europaifche Politit, reifte bon Sof ju Sof, von Sauptftadt ju Sauptftadt und fuchte die Theilnehmer bes eben jum Abichluß gefommenen fpanischen Erbfolgefriegs für die Eimnischung in die nordischen Angelegenheiten gu gewinnen, Die Parteiftellungen bes Auslandes für die fintende Sache bes Schwebentonigs ausanbeuten. In Solland tnupfte er mit Bar Beter, ber um Diefe Beit feine zweite Reife nach Amfterdam unternommen hatte, Berbindungen an, um einen Frieden gwifden Rufland und Schweden ju erzielen. Beter ging um fo bereitwilliger auf die Borfcblage bes Grafen ein, als er ungehalten mar, daß fich ber Rurfürft bon Sannover (Georg I. von England) in den Besit von Bremen und Berden gefest: er wußte fogar um bas Complot, bas Gorg mit bem fpanifchen Minifter Alberoni und einigen Sauptern ber englischen und schottischen Jacobiten gur Rudführung ber Stuarts auf ben britischen Thron gefchmiebet hatte. Bugleich fturate fich ber Rathgeber Rarls XII. in die schwindelhaften Finanaprojekte, die damals in ber Luft ichwebten und in Paris und London fo großes Unglud ftifteten. Er bewog feinen Ronig, der feine Rriegsplane gegen die Berbundeten, besonders die verhaften Danen nicht aufgeben wollte und boch bei ber herrschenden Finanznoth und bei der Unmöglichfeit, die aufs Bochfte geftiegene Belaftung bes Bolts burch Steuern und Abgaben noch mehr zu fteigern, nicht die nothigen Mittel für neue Ruftungen, Anschaffungen und Soldzahlungen befaß, burch Unfertigung bon Munggeichen und burch Pragung geringhaltigen Metallgeldes ber bringenden Gelbverlegenheit bes Augenblick abzuhelfen. Allein wie bei bem Lawichen Bank- und Sandeleinftitut, von bem wir bald boren werden, wurde anch in Stodholm die urfprunglich feftgefette Brenze ber Emiffionen nicht eingehalten, fo daß die Mungeichen balb ihren Berth verloren und der Staat dem Banterotte nabe tam. Gine Anleibe, die Gorg gegen Anweisung auf fcmedifches Golg, Gifen und andere Baaren mahrend feines Aufenthaltes in Solland abichließen wollte, wurde durch feine Berhaftung in Arnheim wegen conspiratorischer Umtriebe bereitelt. Die Bermittelung des Baren und die brobende Forderung des Schweben. konige verschafften jedoch bem Grafen balb wieder die Freiheit. Er tehrte nach Schweden gurud und leitete bann auf Lafoe, einer ber Malandeinfeln mit ben Bevollmächtigten Betere Unterhandlungen jum Abichluß eines Geparatfriedens ein. Der ruffifche Berricher mar bereit um den Breis der Oftfeeprovingen, die er bereits

als fein Gigenthum betrachtete, die Sache feiner Berbundeten in derfelben Beife au verrathen, wie die englischen Tories in Utrecht. Er hatte wohl feine Schwierigfeiten gemacht, Stanislaus Lesczinsti als Ronig von Polen anzuertennen und bem Schweden gur Biedererwerbung ber deutschen Besitzungen behülflich gu fein. Allein Rarl, der nur Krieger, nicht Staatsmann, nur Solbat, nicht Feldbert mar, vereitelte alle Bemühungen feines Minifters.

Die Rate

jur Folge hatte.

Che noch die Berhandlungen in Lafoe völlig zu Ende geführt, auf Grund Arobbe von Brederite ber vereinbarten Praliminarien Die befinitiven Friedensvertrage abgefchloffen waren, brach ber Schwebentonig, ftets nur auf Rache an Danemart finnend und von innerer Unruhe vorwarts getrieben, abermals mit zwei Beerabtheilungen in Rormegen ein. Die fleinere Armee unter Armfeld gog über Roras, wo die reichen Beramerte große Beute gemährten, por bie nördliche Seeftabt Drontheim: ber Ronig selbst mablte bas fühnere Unternehmen, den Bug gegen Christiania. Dazu mußte er zuvor die feste Stadt Frederitshald, den Schluffel zum fudlichen Norwegen in seinen Sanden haben. Er ließ Fahrzeuge über Berge und Felfen nach der naben Bucht ichaffen und unternahm dann die Belagerung der Stadt beim Beginn eines nordischen Binters. Armfeld mußte bei eintretender Ralte ben Angriff auf Drontheim aufgeben; auf bem Rudzug über die menschenleeren,

und Pferde bem Froste, bem Sunger, ber Ermudung. Roch ebe fie Die eifigen Boben des Rordens erklommen, hatte ihr Konig, ber mitten im Binter Die auf einem 350 Buß hoben Belfen gelegene Feftung Frederitsteen nabe am Deere belagerte, seinen Tod gefunden. Als er bei nächtlicher Beile an eine Brustwehr 11. Decer. gelehnt den Arbeitern in den Laufgraben gufah, wurde er getodtet. Die Rugel,

Ban. 1719. mit Schnee und Gis bedeckten Berge erlag ber größte Theil bes Beeres, Solbaten

die seinem Leben ein Ende machte, tam mahrscheinlich von Mörderhand. Auf einem frangofischen Oberft, Siquier rubte ber Berbacht, daß er bon einer feindseligen Aristofratenpartei in Schweden fich für Gold als Bertzeug ber ruchlofen That habe gebrauchen laffen. In einem Anfall von Irrfinn hat er fich nach. mals felbit als Urheber bes Ronigsmords bekannt. Die Borgange, die nun in rafcher Folge gur Entwidelung tamen, tonnen als Beweis gelten, bas Die Ermordung des Ronigs in Busammenhang ftand mit der in Borbereis tung begriffenen Abele-Revolution, welche eine Umgeftaltung ber Berfaffung, eine Reihe fcmählicher Friedensschluffe und den Juftigmord bes Minifters Gorg

# III. Das füdliche und das westliche Europa nach dem spanischen Erbfolgekrieg.

### 1. frankreich.

# a. Lubwigs XIV. Ausgang.

Ludwig XIV. hatte bem fpanifchen Succeffionetrieg ftets die größte perfon, gubm. XIV. liche Theilnahme zugewendet; er fah darin eine bynaftifche Ungelegenheit; neben Bamilie. der Große und den Bortheilen der frangofischen Ration follte diefer Rrieg jugleich die Chre und ben Ruhm bes bourbonischen Ramens erhöhen. Darum bat er auch bon Anfang an unmittelbarer in die Geschäfte und in den Gang der politischen und militarischen Begebenheiten eingegriffen als bei irgend einer andern Belegenheit: er hat die Feldberren fur die einzelnen Beerforper bezeichnet und die militarischen Bestimmungen getroffen; er mar bemubt bas Chrgefühl ber Ration zu weden und fie opferwillig zu machen; er verwendete Blieder feiner Familie bei der Führung der Beere und Flotten, um dem Gefühl des dynastischen Befammtintereffes mehr Rachdruck zu geben. Und als feine Plane zu fcheitern drohten, als die Macht der Berhaltniffe, die Ueberlegenheit der gegnerischen Arafte, die Talente im feindlichen Beerlager Schwierigkeiten schufen, die er nicht au bewältigen vermochte, die feinen Berechnungen und Aufgaben einen unüberwindlichen Dannm entgegenftellten, beharrte er ftandhaft auf ber betretenen Bahn, als wolle er dem Schickfale Trop bieten. Er schickte sein goldenes Tafelgeschirr in die Munge, um der Ration mit dem Beispiele der Entbehrung voranjugeben. Bie febr auch in ben Tagen ber Roth und ber Ungludsfälle feine Seele bekummert fein mochte: nach Außen hat er nie die Berrichermiene, nie bie fonigliche Burde verleugnet; wer in feine Rabe tam bewunderte Die Gelbftbeherrschung und feste Saltung. Und boch maren die Unfalle im Rrieg und bie bitteren Burudweisungen ber frangöfischen Politit und Diplomatie nicht die einzigen Schläge, von benen Ludwig XIV. in seinem Alter heimgesucht ward: in seiner eigenen Familie wurde er gleichzeitig von harten Geschicken betroffen. Der Dauphin Ludwig, für ben Boffuet einft feinen Entwurf ber Universalgeschichte verfaßt, ein gehorsamer Sohn seines Batere, einfach und gutmuthig und ein eifriger Berfechter ber monarchisch-firchlichen Politit feines Lehrers wie des Ronigs, wenn gleich ohne "Schwung ber Seele und bes Talents" war noch bor ber Beendigung des Rrieges an ben Boden geftorben. Ludwig fühlte barüber ben 13. Apr. tiefften Rummer; "feine Betrübniß hatte einen Stein erweichen mogen", fcrieb Elisabetha Charlotte. In die Rechte des Thronfolgers trat nunmehr der Sohn des Dauphin und ber Chriftine von Baiern, ber uns befannte Duc ber Bourgogne, ben Tenelon in die Grundfage einer weisen Staatsverwaltug und fittlich-religiofen LebenBordnung eingeführt hatte, ein Fürft von trefflichen Gefinnungen, von tugendhaftem Bandel, voll Bigbegierde und Menschenliebe, von dem die

Nation eine bessere Zukunft, eine Ermäßigung des Absolutismus, die Rückersstatung alter Rechte und Freiheiten, eine Erleichterung in dem Steuerspstem erhossen durste, dem eine Gemahlin zur Seite stand, Maria Abelaide von Savohen, die durch ihren jugendlichen Frohsinn und lebhaften Geist den Ernst und die Zurückgezogenheit des Gatten milderte und Aller Ferzen zu gewinnen verstand. Aber wie bitter sollten diese Erwartungen des Bolkes und aller Freischen des

- 12. Bebr. finnigen getäuscht werden! Am 12. Februar 1712 ftarb die Herzogin an den 18. Bebr. Masern und sechs Tage nachher folgte ihr der Gemahl ins Grab, angestedt durch
- dieselbe Rrankheit und gebrochen durch Rummer und Gemuthsbewegung. Aus ihrer Che waren drei Rnaben hervorgegangen: der erste war schon vor den Eltern 8. Mars. gestorben, den zweiten, den fünsjährigen Herzog von Bretagne, raffte drei Bochen
- später dieselbe Krankheit dahin, der dritte, ein zweisähriges Kind genas, weil wie man sagt, die Barterin sich der arztlichen Behandlung widersetze, die man bei den andern angewendet. Dieser Urenkel Ludwigs XIV. war nun der Thron-
- erbe. Auch feinen dritten Enfel, den Bergog von Berry, fab der alte Ronig amei 4. Mai 1714. Jahre nachher bor feinen Augen fterben. Er hatte fich burch einen beftigen Stofe der Bruft gegen den Sattelknopf feines strauchelnden Pferdes auf der Jagd ein Bluterbrechen jugezogen. Rarl von Berry mar bermahlt mit ber iconen und ftolzen Tochter bes Herzogs Philipp von Orleans, die durch ihre Launenhaftigkeit, burch ihr rudfichtslofes, eigensuchtiges Befen, ihre Lufternheit und Sinnlichfeit der königlichen Familie viel Berdruß bereitete. Ihre Großmutter, die pfalgifche Elisabetha Charlotte mußte fie oft im Auftrag des Konigs zurechtweisen. Bu ihrem Bater, von beffen genialer Ratur fie vieles geerbt hatte, trug fie mehr Reigung als zu ihrem Gatten. Und nun beschuldigte die öffentliche Stimme benfelben Bergog pon Orleans, daß er die rafchen Tobesfälle in der toniglichen Familie durch Bergiftung berbeigeführt habe, um fich ben Beg jur Regentschaft, vielleicht jogar jum Thron zu bahnen. Sein Leben und fein Charafter boten fo viele buntle Seiten. daß man am Sof und in ber Stadt bem Berdacht Glauben schenkte. Rönig felbst theilte die Ansicht nicht. Er hatte fich stete gegen die Familie Orleans fo großmuthig gezeigt, hatte bem Reffen feine jungfte Tochter von Frau von Montespan in die Che gegeben; und nun follte ber nabe Bermandte eines fo fchmarzen Berbrechens fculbig fein? Er lehnte bas Unerbieten Philipps fich behufs einer gerichtlichen Untersuchung in die Baftille einschließen zu laffen, entschieden ab.

Submigs Befitmmungen über die Waisung des Königshauses vorzubeugen und zugleich ein Denkmal seiner VerRachfolge. lichen Liebe aufzustellen. Er hatte von jeher seinen natürlichen Kindern große
Auszeichnungen zu Theil werden lassen: die Nation sollte fühlen, daß das königliche Blut auch die außer der Ehe erzeugten Sprößlinge auf die höchste Stufe erhebe. Deshalb war er stets bedacht, alle seine Söhne und Töchter, die ihm die
Lavallière und die Montespan geboren, mit Neichthünnern und Ehrenstellen auszustatten und durch Verheirathung in angesehene Häuser sie den Abkömmlingen

fürftlichen Geblütes gleich zu segen. Und so groß war die hingebung ber hoben Geschlechter für bas Saupt ber Onnaftie, bas felbft bie erften Abelsfamilien, bie Conde und Orleans, die fo lange mit ben Bourbons um Rangftellung und Privilegien gerungen, es fich jur Ehre anrechneten die natürlichen oder legitimirten Rinder Budwigs als ebenbürtige Glieber aufzunehmen.

So vermählte der Ronig eine feiner Tochter mit dem Bringen Louis Armand bon Conty, eine andere mit dem Duc de Bourbon, einem Entel bes großen Condé, eine britte, wie erwähnt, mit Philipp von Orleans. Gein altefter Sohn erhielt ben Titel eines bergogs bon Mayenne oder Maine, den einft die ftolgen Guifen geführt, die Sand einer Entelin des großen Conde, das Gouvernement von Languedoc und andere Muszeiche nungen, und Mademoifelle de Montpenfier hinterließ ibm aus Devotion fur ben Ronig einen Theil ihrer großen Befigungen, barunter bas Schloß Gu; ber jungere Sohn, der Graf bon Touloufe, den wir fruber als Befehlshaber der Blotte tennen gelernt haben, war Souverneur bon Provence und Gubenne mit den ausgedehnteften Befugniffen. "Die Pringen von Geblut und die legitimirten Rinder Ludwigs XIV. bildeten nun tine einzige große gamilie, Die burch Reichthum und Stellenbefis ungemein machtig, boch bor Allem ihn mit unbedingter Singebung verehrte."

Diefe Ranggleichheit zu vollenden, Die Ebenburtigkeit gefetlich festzustellen war jest, ba die Erbfolge auf zwei Rinderaugen ftand, bes Ronigs eifrigstes Bemüben. Er verlieh burch ein unwiderrufliches Ebift, welches bei bem Parifer Barlament regifirirt wurde, feinen natürlichen Gohnen und ihren Rachfommen 2. Aug. 1714. ein eventuelles Erbrecht auf die Rrone für den Fall, daß die legitime Linie bes Konigshaufes erlofchen follte. Indem er dadurch feinen beiben Sohnen bem Bergog von Maine und bem Grafen von Toulouse ben Rang und die Ehren ber Bringen von Geblut verlieh, hatte er ohne 3weifel die Abficht, dem Bergog von Orleans ein Gegengewicht ju ichaffen. Wie gern hatte er bem fpanischen Entel das Recht eines Regenten in Frankreich gefichert, falls er felbst vor der Bolljahrigkeit feines Urenkels Ludwig aus ber Belt geben follte! Das ließen aber Die vollerrechtlichen Bertrage nicht ju; und in einen neuen Rrieg wollte er boch bas erschöpfte Reich nicht ftitrzen. Da er somit ftatt bes spanischen Philipp ben Bergog Bhilipp von Orleans in den hochften Rath berufen mußte, fo wollte er wenigstens ben kunftigen Ronig und ben Staat vor ben Gewaltstreichen eines Mannes ficher ftellen, ju bem er wenig Bertrauen hatte, ber ihm um feiner janfeniftifchen Sinneigungen und noch mehr um feines ausschweifenben Lebens willen verhaft und verbachtig war. Darum beftimmte er in einer lettwilligen Berfügung, wie es nach seinem Tobe in Betreff ber Regentschaft gehalten werden folle, und gab die geheime Urtunde, das Teftament famint ben Beifugen (Cobicilles) bem Brafidenten und bem Generalprocurator bes Barlaments jur Aufbewahrung. Die beiden legitimirten Gohne, die neben ben Maricallen und ben erften Miniftern als Rathe ber Rrone aufgestellt waren, follten bem bisberigen Regierungsspftem zur Stute bienen. Dem Bergog von Orleans mar ber Borfit zugewiesen aber seine Autoritat burch bie Bestimmung eingeschrantt, daß in allen

ber toniglichen Entscheidung unterliegenden Dingen mit Stimmenmehrheit Beschluß gefaßt werden solle. Die vormundschaftliche Aufsicht über die Sicherheit, Erhaltung und Erziehung des Thronerben mar dem Berzog von Maine anvertraut und die fonigliche Barbe angewiesen, feinen Befehlen gehorfam nachzutommen. Auf diese Beise gedachte Ludwig sein Regierungespftem noch über fein Leben hinaus sicher zu stellen. Doch mochte er eine Uhnung haben, bag feine Anordnungen wie einft bie feines Batere umgeftogen werden konnten. Benigftens will man aus seinem Munde die Aeußerung gehört haben : "Go lange wir leben, vermögen wir alles was wir wollen, aber nach unserem Lode find wir machtloser als Privatpersonen."

Rrantheit und Tob ber

Es war Beit, daß ber Ronig fein Saus bestellte, benn schneller als irgend Konigs. Jemand glauben mochte, nahte sein Ende. Erot feines hohen Alters hatte Ludwig fortwährend einer fraftigen Gefundheit genoffen und ben Staatsgeschaften eine ununterbrochene Thatigkeit gewidmet. Reben den Arbeiten im Ministerrath hatte er nach gewohnter Beise an den Unterhaltungen und Festlichkeiten bes Sofes Antheil genommen, fich mit Bauen beschäftigt, den mufitalischen Aufführungen mit Interesse beigewohnt, mit Frau von Maintenon und einem auserlesenen Rreise begunftigter Sofleute vertrauliche Gesprache geführt, feine religiofen Pflichten gewissenhaft erfüllt, die troftlose Debe in seiner Familie und am Sof durch regelmäßige Thatigkeit zu verbannen gesucht. Da wurde er im August von einer Rrantheit befallen, die bald einen bedenklichen Charatter annahm. Er selbst fühlte, daß sein Ende nahe sei und sab dem Tode mit Gelaffenbeit und Faffung entgegen. Nachbem er seinen Urentel ermahnt, mehr wie er mit seinen Rachbarn Frieden zu halten, nahm er bon ber Gefährtin seiner letten Lebensjahre ruhig Abschied, ba er fie ja boch in Rurzem wieder feben werde, und verschied am 10. September 1715, wenige Tage por Bollendung feines 77. Lebensjahres.

Refultate

Ludwig XIV. hat der Beschichte seiner Beit den Stempel aufgepragt; in der Regierung. Darlegung feiner Thaten, Unternehmungen und Schöpfungen, die wir in den früheren Blattern versucht haben, ift das Resultat seiner Regierung, der Charafter feiner Politit, bas Biel feiner Bestrebungen enthalten. von Richelieu und Magarin angebahnten Begen fortschreitend hat er bie absolute Rönigsmacht auf eine Sobe geführt, daß alle Functionen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barin aufgingen, alle Organe bes Staats, alle Factoren ber Ration und Gefellichaft von ihr Impulse und Richtung empfingen. Diefes absolute Spftem bauernd gu begründen, dem ganzen Staatswesen einen einheitlichen Charafter zu verleihen, fo daß es nur als Abglang ber monarchischen Berrlichkeit erscheinen follte, und ber firchlich, politisch und gefellschaftlich geeinigten frangofischen Ration eine europaifche Borberrichaft ju erringen, bas burch Grenzerweiterung bergrößerte und befestigte Reich zu dem durch Baffen, Politit und Cultur in ber Belt porwaltenden Lande zu erheben, war die Aufgabe, die er mahrend feiner mehr als

fünfzigjährigen Regierung zu lösen gesucht. Und hat er seine Bwede wirklich erreicht? Allerdings hat er den Feudalismus des früheren Regimes niedergeworfen, ben revolutionaren und frondirenden Abel von ehedem bienftwillig und lopal gemacht, die Statthalterschaften und die hoben Memter und Burben in Chrenftellen und Sinecuren bon becorativem Unfeben umgewandelt, dagegen bie Gefchafte und die eigentliche Executivgewalt einer von der Rrone geschaffenen und abbangigen Beamtenhierarchie zugewiesen; allerdings hat er die alten Provinzial. ftanbe zu einem Schein und Schatten herabgebrudt, Die Reicheffanbe ju einer hiftorifchen Erinnerung vergangener Beiten erniedrigt, die Rechte und Privilegien ber Municipalitaten zu bedeutungelofen Urfunden gemacht; allerdinge hat er den reformirten Gottesbienft aufgehoben und die firchliche Uniformitat mit 3mang und Gewalt begrundet: aber mas hatte diefe bespotische Gleichmacherei gur Folge? Anftatt daß Thron, Altar und Ration zu einem Ganzen fich consolidirt hatten, trat mehr und mehr eine Opposition zu Tage, Die fortwuchernd in alle Schichten ber Befellichaft, insbefondere in die gebildeten Rlaffen Gingang fand. Ran prufte, ob die 3bee der Souveranetat fo weit gebe, daß fie Gewiffenefreibeit und überlieferte Rechteinftitute unterbruden burfe. In ber Schrift "Seufger tes gefnechteten Franfreiche murbe ber bespotische Migbrauch ber toniglichen Gewalt gerügt und bie Berftellung ber ftanbifchen Berfammlung als Beilmittel empfohlen. Bir wiffen, bag Genelon fur politifche Reformen in biefem Sinne au wirten gefucht; und daß ber Bergog von Bourgogne bem Spfteme feines Groß. vaters nicht zugethan war, hatte ihm die Bolksgunft eingetragen. Auch die außere Politik Ludwigs XIV. hat nicht zu bem Biele geführt, bas ihm fein Berricherftolz borfpiegelte. Bar es auch ein großer Triumph, bag ein Bourbon über Spanien und die transatlantische Belt gebot, fo war doch ber Traum einer frangöfischen Beltmonarchie wie eine Seifenblase gerronnen. Der Utrechter Friede iouf ein Frantreich, bas an Dacht und Autorität hinter ben Errungenschaften bes Rymweger Friedens gurudftanb. Und welche Buftande batte ber unbeilvolle Rrieg in bem Ronigreich erzeugt! Gine Schuldenlaft von mehr als taufend Dillionen brudte auf bas Land; Gold- und Silbergeld mar ohne Erhöhung bes Gehaltes im Werth willfürlich gefteigert und burch Papierscheine von wenig Sicherheit ergangt worden, bie Rrafte des Staats wurden über Gebuhr burch bobe, ungleich und ungerecht vertheilte Steuern in Anspruch genommen; Abelstitel, Aemiter und Burben wurden vertauft; ber innere Bohlstand mar verschwunden; das Rolonialmefen ging feinem Berfall entgegen; die Seeberrichaft befand fich in den Sanden ber Englander; Rrieg und Berfolgung hatten viele Provinzen gang entvolltert; Sunger und Nahrungemangel berrichten allenthalben; Frankreich war erschöpft und sein Credit und guter Rame dabin. "Bir bestehen nur noch wie durch ein Bunder," fagte damals Feneson; "ber Staat ift eine alt gewordene ruinirte Maschine, die unter bem früheren Anftos fortfriecht, um unter bem erften Schlage jufammengubrechen." Bar es unter

folden Umftanden zu verwundern, daß der Tob des Ronigs mit fast freudigen Gefühlen vernommen wurde, daß die außerliche Trauer nicht überall der Ausbrud ber inneren Stimmung mar? In einem Spigramm ber Beit bieg es, Ludwig folle nicht erftaunen, daß die Frangosen über seinen Sob nicht weineten; fie batten mabrend feines Lebens fo viele Thranen vergoffen, bag ihre Augen ausgetrodnet feien. Um Tage feiner Beerdigung feierte man in Baris Boltsfeste.

### b. Die Regenticaft bes Bergogs von Orleans.

Das Tefta=

Man hatte bem Konig Ludivig gerathen behufs ber Bestätigung seiner ment umge-fichen letiwilligen Anordnungen die Generalstande oder doch eine Rotablenversamulung einzuberufen; allein bas ging gegen seine Regierungsgrundsage. Er bielt es für hinreichend, die Urfunden dem Parlament ju übergeben mit der Beisung, nach feinem Tobe die Bestimmungen zur Ausführung zu bringen. Sollte aber ein Mann wie Philipp von Orleans, beffen Chrgeiz und Berrichgier eben fo groß war wie feine politische Befähigung, feine Renntniffe und Bildung und beffen Bewiffenlofigfeit und bosartige Naturanlage vor teinem Staatsverbrechen gurud. ichreckte, fich mit ber untergeordneten Stellung aufrieden geben, Die ibm bas königliche Testament zuwich? Das war nicht seine Absicht, er wollte nicht Borfinender in einem nach Stimmenmehrheit entscheibenben Rathe fein, fondern Regent nach dem ihm burch feine Geburt guftebenden Rechte. Die Bringen von Geblut begunftigten sein Streben aus Berdruß, daß die natürlichen Sohne Ludwigs ihnen an Rang gleichgestellt worden, und das Parlament ließ fich leicht burch die Freunde des Bergogs, den Generalprocurator d'Aqueffeau und den erften Beneraladvotaten Joly de Fleury beftimmen, bem Beispiele bom 3. 1643 gu folgen, zumal ale ihm in Aussicht gestellt warb, bag die Beschrantung feiner Befugnisse, die der verstorbene Ronig ibm auferlegt hatte, beseitigt und ibm die frühere politische Bedeutung gurudgegeben werden follte. Go wurde in einer feierlichen Sigung, ber die Pringen, die Pairs und die hoben Burbentrager an-2. Sept. wohnten, ber Bergog von Orleans jum Regenten erflart, bas Geburtsrecht über Die testamentarische Berfügung geftellt, bem wenig befähigten Bergog bon Maine, ber fich bisher von aller militärischen Thatigkeit fern gehalten hatte, ber Oberbefehl über die Saustruppen abgesprochen. Bum Dant für die bereitwillige Anerkennung feines Rechts gab ber Regent bem Barlament bie Befugnig gurud, nach altem Bertommen "über die Chitte bes Ronigs bor ihrer Registrirung ju berathen und remonstrirende Borftellungen bagegen einzubringen." Dann wurde die Berwaltung ihres bisherigen centralifirten Charafters entfleibet, indem ber Regent für die verschiedenen Bweige ber Staatsgeschäfte fechs Rathscollegien a. richtete, die bem Regentschafterath untergeordnet fein, aber burch ihre Brafibenten an ben Sitzungen und Berathungen Theil haben follten. Den Legitimirten wurde das Recht ber Succession zur Krone wieder entzogen, da es im Falle eines

Erlöschens ber Dynastie ber Ration allein zustehe über ben Thron zu verfügen; bie verjagten Janseniften burften ihre Stellen wieder einnehmen; ber Cardinal von Roailles erhielt seinen Sig im Gewiffensrath für geistliche Angelegenheiten jurud'; ber Bater Le Tellier murbe bom Sofe verwiesen. So ging man in Staat und Rirche, in Berfaffung und Regierung von bem bisherigen Spftem ab. Der geistreiche schrift- und rebegemandte d'Aquesseau wurde nach bem Tode Boisins jum Rangler erhoben.

Und wie war benn die Ratur und bas Befen bes Mannes, ber nunmehr das Billop von Drieans. Ruber des Staats mabrend ber Minderfahrigfeit Ludwigs XV. in ber Sand hatte? Unter allen Gliedern der Bourbonfchen Dynaftie ragte Philipp von Orleans (geb. 1674) an Seift und Salent weit herbor. Boll Bifbegierde hatte er fich von Jugend auf mit Borliebe den Studien und Runften gewidmet und durch feinen Scharffinn, feine rafche Saffungegabe und fein gutes Gedachtnis Renntniffe und Fertigkeiten aller Art erworben. Er befaß große Befdidlichteit in der Mufit und Malerei; er befcaftigte fich eifrig mit Chemie, die tieffinnigen Speculationen eines Leibnit reigten fein Intereffe, er war ein Sonner der Gelehrten, der Academie und der Bibliotheten und jog gerne Manner von literarifdem Talent in feine Rabe. Dabei befaß er ein icarfes und treffendes Urtheil über Staatsgeschäfte und Berwaltung, natürliche Beredsamteit und Renntnis bes Rriegswefens. Er hatte in Spanien und in den Riederlanden fich tuchtig gehalten; auf bem Beldzug in Italien, fo folimm auch ber Ausgang war, batte er Ruth und militarifche Ginficht an den Lag gelegt; man traute ibm zu, daß er große Feldherrngaben entwidelt haben wurde, wenn ihn nicht fein Oheim aus Argwohn und Abneigung fern gehalten hatte. Dit diefen genialen Anlagen verband er eine natürliche Leutfeligkeit und Großmuth, einen ritterlichen Sinn, liebenswürdige, gewinnende Cigenicaften. "Aber wie feine Mutter, eine befannte Fabel auf ibn anwendend fagte: allen den Gaben, die ihn schmudten, hatte eine vernachläftigte Fee den Fluch hinzugefügt, daß fie ihm nichts nugen, fondern durch eben fo große Lafter verdunkelt werden follten." Schon in früher Jugend mar er durch die Schuld seines Baters in die folechtefte Befellichaft gerathen, die ihn verführte. Bie viel Rummer und Bergeleid hat feine Mutter, die Bfalzgrafin Elifabeth Charlotte darüber empfunden und wie lebhaft hat fie in ihren Briefen Diefen Gefühlen Ausbrud gegeben! Sein Lehrer, ber Abbe Dubois aus bem füdlichen Frantreich, gleich ibm felbft ein Mann von Geift, Talent und wiffenschaftlicher Bildung, aber boll Fribolitat "chnifc und brutal in feiner Erfcheinung" ohne Bahrhaftigteit und ohne Glauben an Tugend und ibeale Guter, nahrte mit fcmeichlerifcher Bobloienerei und aus ehrgeizigen Abfichten ben Sang jur Sinnlichkeit in feinem Bogling und untergrub die Achtung vor Religion und Moral. Des Bergogs Che mit ber Ronigstochter, bie im ftolgen Gefühle ihrer hoben Geburt und ihrer Borguge und Tugenden ihrem Gemahl mit talter Burudhaltung begegnete, war ohne Liebe und Befriedigung. So murde Philipp von Orleans ein Anecht feiner Lufte und Lafter, ein Berführer und Berführter von Genoffen, die er felbft als "Geraderte" (Roues) bezeichnete. ein Egoift und Schlemmer, der fich über Glauben, Sitte und Anstand wegfeste, und Sinnengenuß als die Burge bes Lebens anfah. "Er ließ fich nicht allein ju Ausschweifungen fort reißen", urtheilt Rante, "fondern gu bem Chrgeig, wie in Studien und Runften, fo auch in wildem Genus es allen Undern guborguthun. Er rafte bie gangen Rachte, und wenn feine Rrafte ericopft waren, meinte er, fie durch ftartes Erinten au erneuen, fo daß er fich bollends gerruttete. Oft gerieth er in eine widermartige Abhangigfeit von den Gefahrten ober den Bertzeugen feiner Ausschweifungen,

welche bann jur Folge batte, bas die Bedürfniffe feiner nachften Angehörigen vernachlaffigt wurden, nur etwa die Lochter, Berzogin von Berry, ausgenommen. Die Rachwelt nennt ibn nicht, ohne mit feinem Ramen bas Gedachtniß ichamlofer Orgien ju verbinden. Auch bei Tafel fannte er fein Das, und wenn er voll Beines mar, fo gab es nichts, was ihm Rudficht eingeflößt und die wildesten Ausbruche ber Laune, ber Begwerfung und des Baffes oder auch offenbarer Sottlofigfeit jurudgehalten batte. Denn auch als ein ftarter Geift wollte er glangen ; er legte Berth barauf als ein Denfo ju gelten, den bas Jenfeits und die überfinnliche Belt nicht fummere." Bie berberblich und vergiftend mußte ein foldes Beifpiel auf die hoffreise, auf die vornehme Befellfcaft der Sauptftadt, auf die gange Ration einwirten! Ausschweifung, Unfittlichkeit, Frivolität und Unglauben galten als Beichen feiner Bildung, vorurtheilsfreier Ge finnung; fle murben gur Mode bes Tages und brangen ins Leben ein.

≥6limme Binanglage.

In jener Sigung bes Parlaments, in welcher Philipp von Orleans jum Regenten ertlart ward, gab er bie Berficherung, daß fein eifrigftes Beftreben fein werbe, die finanziellen Bedrangniffe bes Landes ju beseitigen, die Ordnung im Staatshaushalt herzustellen, Ausgaben und Ginnahmen in Gleichgewicht zu segen. Diesem Bersprechen tam er auch sofort nach : wie in früheren Jahren bei ähnlichen Lagen wurden aute und schlimme Mittel in Anwendung gebracht, dem vollewirthichaftlichen Ruin ju fteuern : man ernannte eine Commiffion unter bem Borfit ber Bruber Paris, welche die Staatsschuldscheine einer Revision unterwarf und ben Berth ber meiften auf die Salfte ober noch tiefer berabfeste; gegen Steuerbeamte, Rinangpachter, Lieferanten, Die fich betrügerischer Bandlungen und Erpreffungen schuldig gemacht, wurde wie in den Tagen Colberts mit gerichtlichen Untersuchungen vorgegangen und ein großer Theil des Raubs ihnen abgenommen; eine neue Mungpragung von geringerem Metallwerth wurde angeordnet. Aber alle folche und abnliche Mittel, beren Erfolge noch überdies durch die Rauflichkeit und Bewinnsucht der Luftgenoffen des Regenten abgefcmacht murben, vermochten einem Staatshaushalt, bei bem jedes Sahr ein Deficit bon vielen Millionen hervortrat, nicht aufzuhelfen. Schon damals wurde eine Ginberufung der Generalftande zur grundlichen Beilung des tranten Staats in Anregung gebracht; aber zu einer folden Reuerung tounte fich ber Orleans nicht entschließen.

John Lam

Da machte ihm John Law, ber Sohn eines Chinburger Goldschmiedes, Bettelbant, ben er beim Bagarbipiel tennen gelernt, ein Mann bon Renntniffen, gewandter Rebe und weltmannischer Bilbung, ben Borfchlag, burch Errichtung einer Staatsbant ben finanziellen Difftanden abzuhelfen. Er tonnte auf die Refultate ber Londoner Bank hinweisen. Durch Papiergeld, für beffen Berwerthung die Regierung ihren Credit einsete, fonne bas Nationalbermogen vergrößert, ber öffentliche Bohlftand gehoben werben. Die Grundfage, die der kluge Mann geltend machte, und die Beispiele, die er aus bem Privatvertehr ber Raufleute und Bankiers als Beweisgrunde für seine Ansicht vorbrachte, waren nicht unrichtig; bas Unternehmen murbe erft schwindelhaft burch bie Taufchungen und be-

trügerischen Moftificationen, durch die unumschräntte monarchische Berfaffung, welche feine Garantie gegen die Sabgier und die willfürlichen Gingriffe der Macht. baber und ihrer Gunftlinge und Beamten barbot. Der Regent prufte den Borichlag mit fachtundigen Rathen: ber Beschluß mar, bag ber Plan amar nicht in Rai 1716. ber vorgeschlagenen Ausbehnung und Organisation ausgeführt werden solle, daß aber dem schottischen Finanzmann ein Privilegium gur Errichtung einer Privatbant mittelft Aftien ertheilt ward. Run grundete Law eine Geldgesellschaft, die unter seiner Direction fich bald bes allgemeinen Bertrauens erfreute und burch geringen Bechfelbisconto, burch Darleben und zwedmäßige Bermittelungsgeichafte viel Gutes wirfte. Das Bertrauen flieg noch, als durch eine Berordnung bom 10. April 1717 die Bant für ein Institut des Staats erflart und die öffent. April 1717. lichen Raffen angewiesen murden, die von ihr ausgegebenen Scheine in Bablung anzunehmen. Aber noch in demfelben Sahr gab Law der Bettelbant einen ganz andern Charafter; fie follte mit einer Sandelscompagnie des Beftens vereinigt und badurch zu einer viel großartigeren Thatigfeit fabig gemacht werden.

Bor mehr als dreißig Jahren war ein frangofifcher Anfiebler, La Salle, von Die Bant und bie San: Duebed aus ben Diffffppi binabgefahren, hatte bon dem Lande am unteren Lauf belecomdes Stromes im Ramen des Königs Besis genommen und es nach ihm Louisiana ge- bagnie bes grentens. nannt. Aber alle fpateren Berfuche, bas Gebiet durch frangofifche Unfiedler zu bevollern und zu einer fruchtbringenden Colonie zu gestalten, waren erfolglos zerronnen. bewirtte Law, daß der Regent eine Miffisppigefellschaft ins Leben rief, welche die Colonifation jenes fruchtbaren metallreichen Landes aufs Reue in Angriff nehmen und dabei von ber Parifer Bant, die eine große Angahl Attien übernahm, unterftust werden follte. Große Landereien maren dabei in Ausficht gestellt, welche durch ausgedehnte Privilegien und Abgabefreiheit auf Jahrzehnte, durch vortheilhaften Sandel mit Canada noch besonders werthvoll erschienen. Der Regent für alles Glanzende und Reue empfänglich ließ fich durch die geiftreichen vielberfprechenden Combinationen binreißen und ging mit dem größten Eifer auf die schwindelhaften Speculationen des Schotten ein. Er feste bas neue Sandels- und Gelbinstitut unter Law's Directorium in die Der Regent innigfte Beziehung gum Staat, er verlieh ihm bas Tabatsmonopol, um die Cultur diefer Sinangin-Pflanze in dem neuen Colonielande in Aufschwung zu bringen, er gewährte der Bant- fitut. gesellschaft, die er für eine "tonigliche" ertlarte, einen umfaffenden Antheil an ber Steuererhebung und ginangverwaltung und verschaffte ihr badurch einen unbegrengten Credit. Saft alles geprägte Geld floß in die Bant und murbe gegen Bapiergeld ausgetauscht; die alten Schuld- und Rentenscheine, die nur geringe Binfen trugen, wurden gegen die einträglicheren Attien und Roten bes neuen Sandels- und Gelbinftituts umgewechselt; die Bringen von Geblut, die reichen vornehmen Berren betheiligten fich. Die öffentlichen Raffen wurden mit Banknoten gefüllt, die Depofitengelder umgewechselt, der innere Bertehr, mit Ausnahme bes täglichen Rleinvertehrs burch Gelbicheine bermittelt. Bas Anfangs freiwillig gefcah, murde fpater durch Cottte gefordert. Der Befit von Gold und Silber in höheren Summen als fünfhundert Franken wurde zu einem Staatsberbrechen gestempelt. Immer ausgebehnter murbe ber Birtungefreis und der Credit des toniglichen Bantinftituts, das in mehreren großen Stadten des Reichs Bweiganstalten errichten durfte. Die Gefellicaft machte dem Staat ein Darlehn von 1200 Millionen zu niedrigem Bins und feste dadurch die Berwaltung in Stand, bober

verginsliche Schulden mit Banticeinen abzutragen. Selbst die Genuefen , die bebeutenbften Staatsglaubiger mußten es gefdeben laffen, bas man fie mit Diffifippi Attien bezahlte, da jede Metallausfuhr berboten war und andere frangofische Papier am Berth fehr verloren hatten. Sollander und Englander folgten ihrem Beifpiele Alle benachbarten Lander wurden in die Bewegung des frangofifchen Geldmarktes ge jogen. Die "tonigliche Bant" übernahm den Senegal-Sandel, fie erhielt das Brivilegium der früheren indischen Compagnie, die Colbert einst gegründet hatte, welche abei feitdem in Berfall gerathen war, die Renten der Stadt wurden durch fie ausgezahlt, die fammtlichen Schulden des Ronigs getilgt, fclieflich nahm fie auch die Generalpachten an fich. Roch niemals hat die Phantafie, auf fo wenig fichern Boden geftüst, über eine ganze Ration eine fo unbeschrankte und unselige Herrschaft geübt. Die gefammten ginangen des Staats beruhten auf einer Sandelsgefellichaft, ihre Actien fliegen auf das Behn- ja 3mangigfache ihres ursprunglichen Berths. Der Regent, ben bie allgemeine Trunkenheit mit fortriß, ließ eine gabllofe Menge von Scheinen anfertigen, im Sabre 1719 betrug ber dimarifche Werth ber Actien achtzigmal fo biel als bas fammtliche im Ronigreich circulirende Geld. Law war ber vielbewunderte Mann bes Tages, er wechselte die Religion und erhielt die Stelle eines Generalcontroleurs der Binangen, die Strafe Quincampoig, wo die Befchafte gemacht wurden, mar bon ber audrangenden Menge wie belagert; ber Rauf und Bertauf von Attien und Bantzetteln nahm ben Charafter eines leidenschaftlichen Spiels an. "Reich ju werden und ju genießen" war das allgemeine Losungswort.

Die Regies

Immer fühner und hochfliegender murben die Plane bes Regenten : er trug Parlament. sich mit dem Gedanken, die der Regierung zu Gebote stehenden Reichthumer zur Erbobung der Staatsgewalt zu verwerthen : wenn man die Memter gurudtaufte, welcher Bumache an öffentlicher Macht und Autorität erftand bann ben berrichenden Rreisen! Und könnte man denn nicht auch die Barlamentofige, die mittelft Rauffummen erworben und mittelft Geldzahlungen in den Familien ber rechtsgelehrten Ariftocratie fortgepflanzt murben, burch Abtragung des Raufpreifes und Aufhebung der Amtesteuer frei machen und die gange Rorperschaft zu einem Organ der Regierung umschaffen? Papiergelb hatte man ja in hinreichender Menge und tonnte es noch weiter bermehren. Die ftarte Opposition, welche in ben Parlamentshöfen gegen die phantaftifchen Finanzoperationen bereits laut geworden, hatte ben Unwillen bes Herzogs erregt; es waren Auftritte erfolgt, welche an die Beiten ber Fronde erinnerten; die Memoiren aus jener denkwurdigen Beriode bildeten damals die Lieblingslecture der Gebildeten und regten au Bergleichen an : man traute bem Regenten ben Plan ju, bag er die Brarogative ber Krone noch höher steigern wolle, als durch Magarin und Ludwig geschehen, daß er die Befugniffe ber Regentschaft und ber Regierungscollegien von allen Schranten zu lofen trachte, welche burch Raufvertrage, Bertonimen und Berfaffung ber freien Ausübung ber fouveranen Bewalt entgegenftanden. Aufgeregte Sitzungen voll fürmischer Auftritte, wie man fie seit vielen Jahrzenten nicht mehr erlebt batte, vermehrten die Berbitterung und bas Mißtrauen auf beiden Seiten. Immer icharfer murde ber Biberftand bes Parlaments gegen die Finangmaße regeln : wie bereute jest ber Regent, daß er felbst demfelben das Recht eingeraumt,

die Regierungseditte bor der Eintragung einer Brufung und Discuffion zu unterwerfen! Es erregte große Ungufriedenheit und Difftimmung, daß ber Bergog den wegen feiner Rechtschaffenheit wie wegen seiner Talente und literarischen Bildung allgemein geachteten d'Agueffeau feines Ranzleramtes entfeste und dem zu 3an. 1718. Despotismus und Willfürmagregeln hinneigenden Grafen d'Argenson bas Reichefiegel übergab, ber bann Urm in Urm mit Baw auf ber fcwindelnden Bahn fortschritt ohne fich um die scharfen Remonstrationen des Parlaments gegen die Berbindung ber Staatsverwaltung und bes Bantinftituts au fummern.

Bald brang jeboch bas Distrauen aus ben Raumen ber boben Sofe in bie Der Staats-Deffentlichkeit. Bergebens wurde in einer toniglichen Sigung in Begenwart bes jungen Fürsten selbst eine Ordonnang des Regentschaftsrathes verlefen, woburch das Barlament wieder in die Schranten bes unbedingten Geborfams gewiefen ward, wie unter Ludwig XIV.; die gegen bas verderbliche Shftem geführten Reden und Argumente hatten Bebenten und 3meifel erregt: man fing an, ber Bant die Scheine jur Ausbezahlung zu prafentiren. Die Unruhe mehrte fich, als im Mai 1720 ein Soitt erschien, wodurch der Preis der Aftien nach und nach auf den Rominalwerth jurudgeführt und die Annahme der Bantbillets an den öffentlichen Raffen auf eine bestimmte Beit beschrantt ward. Ein allgemeiner Schreden erfaste die Inhaber ber Bapiere, ben die Burudnahme des Ebifts, wogu fich der Regent durch die Borftellungen seiner Rathe bewegen ließ, nicht zu gerftreuen vermochte. Der Budrang nahm bermaßen gu, daß die Baaricaften der Bant auf die Reige gingen und fie im Juli erklaren mußte, 17. Juli fie werde nut noch ihre kleinsten Scheine zum Belauf von zehn Livres realifiren. Bald mußte fie and diefe Bablungen einftellen; Buth und Bergweiflung erfaste bas betrogene Boll: es folgten tumultuarische Auftritte; die Menge drängte fich massenhaft jur Bant, fo bag mehrere Perfonen erdrudt murben und bas Saus gefchloffen werben mußte. Rur mit Dube entging Law, den man als den Urheber der Calamitat anfah, dem Berderben. Much gegen ben Regenten felbft und feine gewiffenlofen Genoffen richtete fich die allgemeine Buth. . Man trug die Leichen der Erstickten in das Palais ropal. Bergebens fuchte der Regent durch neue Collte ben bereinbrechenden Ruin aufjuhalten; das Parlament weigerte die Eintragung und wurde darum nach Bontoise verbannt. Reine Magregel, tein Bwangecure vermochte mehr ben Staatsbantbruch ju verhindern, zumal da fich berausstellte, daß die Colonisation bon Louifiana ganglich gescheitert fei, daß einige taufend Abenteurer, welche fich auf ben Schiffen ber Compagmie babin begeben hatten, großentheils dem Sunger ober Rlima erlegen feien, daß Reu-Orleans, bas man als eine wohlgebaute Stadt von 800 Saufern gefcilbert, nur aus einigen elenden hatten von Cypreffenholz bestehe, von Schleichhandlern und Bagabunden bewohnt.

Um 20. Ottober wurden fainmtliche Actien und Bantnoten außer Eurs Ausgang u. Birtung. gefeht. Gine Commiffion unter ber Leitung ber Bruber Baris, bie wegen ihres Biderftandes gegen die schwindelhaften Finanzoperationen aus ber Sauptstadt verbannt worden waren, übernahm das ichwierige Geschäft der Liquidation. Das große Bermögen, das Law bei feiner Flucht nach Stalien in Frankreich aurudgelaffen, murbe in Befchlag genommen, fo bag ber bisberige Befiger vieler Millionen einige Sahre nachher zu Benedig in ganzlicher Armuth ftarb. Sinige habgierige Großen aus der Umgebung des Hofes und des Regenten batten fich

bereichert, sie hatten mit leicht erworbenen Scheinen ihre Schulden bezahlt und Güter angekauft; aber unermeßlich waren die Berluste, von denen der Bürgerstand, die Kausmannswelt und die fremden Staatsgläubiger betroffen wurden. Der Staat selbst war eines guten Theiles seiner Schuld ledig geworden, so daß im öffentlichen Haushalt Einnahmen und Ausgaben mehr in Gleichgewicht hätten gesett werden können, wenn man mit Sparsamkeit, Gewissenhaftigkeit und Unssicht vorgegangen ware. Dagegen waren Bertrauen und Credit dahin; Handel und Industrie erholten sich nur langsam; und den großen Familien, welche in dem Schissend ihr Bermögen ganz oder guten Theils eingebüßt hatten, mußte die Regierung durch Staats- und Hospensionen und Leibrenten aufzuhelfen bedacht sein.

Ausmartige Bolitit.

Der Regent hatte viele Gegner: Die legitimirten Bringen, der niedere Abel, die Ultramontanen waren ihm abgeneigt, im Parlament wuchs die Opposition. Alle diese malcontenten Elemente richteten ihre Blide auf den spanischen Bourbon Philipp, der seine Bergichtleistung auf den frangofischen Thron nicht verschmerzen tonnte und nie die hoffnung aufgab, fie wieder rudgangig ju machen. Gein Minister Alberoni bestärtte ibn in dieser Saltung, um fich in ber Sofgunft ju behaupten, und unterhielt mit den Ungufriedenen in Frankreich lebhafte Ber-Auch diese Erscheinungen erinnerten an die Tage der Fronde. Durch den Thronwechsel in England und durch den Tod Ludwigs XIV. mar ber Utrechter Friede, ben noch nicht alle Betheiligten angenommen, wieder fraglich geworden; wurden die Stipulationen angefochten, fo blieben die Bourbonfden und Stuartichen Anspruche in bein fruberen Stand, tonnten wieder zu einer europaifchen Streitfrage erhoben werden. Es war baber naturlich und burch Die Bolitik der Selbsterhaltung geboten, daß fich der Bergog von Orleans mit bem neuen Ronig bon England aus der hannoberichen Linie gur Sicherftellung ber in Utrecht getroffenen Pacification zu verbinden suchte. Der Thatigkeit, Umficht und Geschicklichkeit bes weltklugen Dubois, bem fein ehemaliger Bogling die Stelle eines Staatsraths im auswartigen Amte verlieben hatte, gelang es in Berbindung mit dem englischen Bevollmächtigten Lord Stanhope, der bamale neben Sunderland im Ministerium saß, bas Bundniß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England zu ftiften, bas, nachdem auch die Generalftaaten beigetreten, als neuer Dreiftaatenbund (Tripplealliang) für die Aufrechthaltung der bestehenden Ordnung einzustehen sich bereit erklärte. Demnach follte Philipp V. von Frankreich fern gehalten und der Stuart'iche Pratendent Jacob III., ber nach bem fehige schlagenen Bersuch mittelft einer Insurrection seiner Anhanger in Schottland und England fich bes Thrones zu bemächtigen, seinen Aufenthalt in Avignon genommen batte, veranlaßt werden das frangofische Gebiet zu verlaffen. biefe Berbindung fühlte fich ber Regent ftart genug, ben Parteigangern bes fpanischen Bourbon die Stirn zu bieten : ber Berzog von Maine und feine chr 1718. geizige Gemablin wurden aus Paris entfernt und unter Aufficht gestellt; ber

spanische Gefandte Cellamare, bei bem die Faben ber Umtriebe gusammenliefen, über die Pyrenaen geschafft, die Saupter eines Adelscomplots in der Bretagne des Hochverraths angeklagt und hingerichtet, dem Parlament in einer Thron- 1719. fitung die frubere Unterordnung in Erinnerung gebracht. Bald wurde auch Raiser Rarl VI., bem die Bourboniche Regierung in Madrid die ehedem spanischen Besitzungen in Italien zu entreißen suchte, zum Beitritt bewogen, wodurch die Eripplealliang fich erweiterte. Bum Dant fur biefe Berdienfte um Erhaltung bes Friedens wurde Dubois, dem der Regent das Erzbisthum Cambray übertragen, bon ben verbundeten Botentaten dem romischen Stuhl für ben Cardinalshut empfohlen. Die Curie trug Bedenten, die hohe firchliche Burde einem Manne Dubois Carju ertheilen, beffen Gefinnung und Lebenswandel fo fehr mit bem geiftlichen Premler-Charafter in Biberspruch ftanben. Aber feine erfolgreiche Thatigkeit um bie Beilegung bes Jansenistischen Streites unter bem frangofischen Rlerus und Die boben Berwendungen gaben endlich den Ausschlag zu seinen Gunften. Die Bedenken wurden in Rom übermunden und Dubois jum Cardinal erhoben. Go Suli 1721. trat denn der merkwürdige Fall ein, daß in einer Beit der größten Unfittlichkeit und Frivolität, da die hohe Gesellschaft in Lusten und Genuffen, in leichtfertigem Beift und Bit fowelate, ein Burdentrager ber Rirche in Frankreich eine borwiegende Stellung in den politischen und religiosen Angelegenheiten behauptete; denn der Regent machte ibn zu seinem ersten Minister und alle Parteien bublten um feine Gunft und feine Unterftugung. Und fo gewandt und ftaatellug war der geistliche Leiter des auswärtigen Amtes, daß er nicht nur im Innern die bochfte Autoritat befaß, sondern auch mit Spanien, wo Alberoni hauptfachlich burch feine Beranstaltungen und Rabalen zu Fall gebracht wurde, bas gute Berbaltniß wieder herstellte und zugleich von dem englischen hof begunftigt mard. Dubois trug fich mit bem Gedanken, die Rolle Richelieus und Magarins ju Tob bes wiederholen; ba schnitt ploglich die Barge seinen Lebensfaden entzwei. Die und bee früheren Ausschweifungen rachten fich an ihm und an bem Regenten, ber seinem 10. Lehrer und Berführer noch in bemfelben Sahr ins Grab nachfolgte. "Er war in Gesellschaft einer Dame," erzählt Rante, "bie für feine Buhlerin galt und die ibm bamals burch anregendes Gespräch und Lecture die Beit zu fürzen pflegte; eines Tages, noch im Buge ber Unterhaltung, indem er fich bom Stuble erhob, um zum Ronig zu geben, fant er zusammen und war nicht mehr. Ein apoplettischer Schlag, wie fie in biefem Saufe so haufig vorkommen, hatte auch ihn be- 7. Decbr. troffen. Die Dame verfiel in Bahnfinn; das Bolt fah einen Fauft in ibm, Deffen Patt mit bem Bofen in diefer Stunde abgelaufen fei."

Mittlerweile war der junge Konig Ludwig XV. in das Lebensalter ge- Bourbone treten, daß er nach frangofischem Gefete als volljährig betrachtet werben Conbe. I Counte. Roch zu Lebzeiten des Regenten und feines Ministers war die Ceremonie Bermasber Rronung und Salbung mit großer Bracht in Rheims gefeiert worden. Aber feine Jugend und Unerfahrenheit bedurfte noch immer einer leitenden Sand. So

trat benn jest an die Stelle des Orleans ein anderer Bring von Geblut, Beinrich bon Bourbon-Conbé, ein Mann bon geringen Sabigleiten und Renntniffen, habgierig, rechthaberifch und überdies abhangig von feiner Matreffe, ber Marquife bon Brue, einer verheiratheten Bofbame, und beren Schutling, einem ber Brüder Paris. Früher bem Berzog-Regenten fich unterordnend hatte er in ber letten Beit der Bolitit besfelben vielfach Opposition gemacht und folug auch jest andere Bege ein. Seine nachste Sorge war, die Ohnaftie durch eine baldige Bermablung bes Ronigs ficher ju ftellen. Orleans und Dubois hatten eine spanische Heirath im Auge gehabt: Die vierjährige Tochter Philipps V. sollte bereinst Ronigin von Frankreich werben. Schon befand fich die junge Infantin in Berfailles, um zu ihrem tunftigen Berufe berangebilbet zu werben. Diefe Bergogerung ber Bermählung ichien jeboch bem Bergog bebentlich: Die Berlobte

Marz 1725. wurde nach Madrid zurudgefandt und Marie die Tochter bes ehemaligen Bolentonige Stanislaus Lefczoneti, ber feit feiner Bertreibung in Beigenburg lebte,

Sept. jur Gemablin bes Ronigs gemablt. Der fpanifche Sof nahm diefes rudfichts. lofe Berfahren als eine Beleidigung auf und anderte feine Politit.

### 2. Spanien unter dem ersten Bourbon.

Bhilipp V. -1746. Philipp V. hatte niemals ben Glauben verloren, bag ihm die Krone von Spanien verbleiben werbe. Bir wiffen, daß er den ihm bon dem Großbater ertheilten Rath einer freiwilligen Entfagung ftandhaft gurudgewiesen. Er verließ fich auf die Singebung ber Caftilianer, die fich in den Tagen der Bedranquif und ber brobenden Frembherrichaft aufs glanzenbfte bewahrt batte. Er mar baber über die Abmachungen in Utrecht, welche ber Monarchie die italienischen und belgischen Provinzen entriffen, teineswegs erfreut, ebensowenig wie fein habsburger Rivale, welcher den Titel eines Ronigs von Spanien noch fortführte, als jebe Aussicht auf die Erwerbung bes Phrenaenreichs langft verschwunden war. Aber bem schwachen unfelbständigen Bourbon in Madrid fehlte jeder Unternehmungegeift und Lebensmuth. Rie tonnte er fich ju eigenem Sandeln aufschwingen; er hatte nur paffive Tugenden und blieb ftets bon weiblicher Führung abhangig. Es ift uns befannt, welchen Ginfluß die Fürftin Orfini auf Bolitit und Regierung nbte; bis ju Enbe bes Rrieges berrichte fie am Soi und im Cabinet; die lebhafte, hingebende Ronigin beugte fich ganglich ihrem mächtigen Beift und ber willenlofe Bourbon murde von beiden geleitet.

14. Febr.

Um die Beit der Friedensschluffe ging die Savoyerin aus dem Leben und Die Barftin die Orfini übte nun die Macht über hof und Staat ungetheilt. Aber bei der Elifabeth Natur bes Ronins mußte fie auf eine neue Bermablung besselben bedacht fein. von Barma. Sie schaute fich daher nach einer Prinzeffin um, die eben fo bereit fein mochn, fich ihrem Ginfluß unterzuordnen, wie die Berftorbene. Gine folche glaubte fie in Elifabetha Farnese zu entbeden, die an dem kleinen Sofe von Parma ein

freudenleeres Dasein verbrachte. Giulio Alberoni, ber Sohn eines armen Bingers aus ber Gegend von Piacenga, ber jum Geiftlichen gebilbet als Ergieber eines jungen Italieners von Abel lange in Frankreich gelebt, mit der Farnefischen Familie in Berbindung gestanden und bann den Marschall Bendome als Secretär nach Madrib begleitet hatte, scheint den Ausschlag bei der Bahl gegeben zu haben. Bon einer jungen Fürstin, die ihr ganges Glud ber Oberhofmeisterin zu berbanten haben murbe, meinte die Orfini teine Menderung in ihrer dominirenden Stellung befürchten zu durfen. Aber wie irrte fie fich. Raum hatte die junge Königin ben spanischen Boben betreten, so wurde die Fürstin, die ihr nach Xativa migegengereift war, mit ber rudfichtelofeften Strenge aus bem Reiche verbannt und sofort zur Abreise gezwungen, ohne daß man ihr nur irgend eine Bequemlich. kit gestattet batte. Ludwig XIV. erlebte es noch, daß die allmächtige Hofdame, welche viele Jahre lang die Seele ber fpanisch-bourbonischen Regierung gewesen war, über bie Phrenaen geschafft ward, um ihre letten Jahre in der alten Beimath Sept. 1714. in der Dunkelheit des Privatlebens zu verbringen.

Der geheime Urheber Dieses Staatsstreiches war ohne 3weifel berfelbe Alberoni. Alberoni, der die Bermählung bermittelt hatte, ein Mann von großen Talenten, ehrgeizig, unternehmend und geubt in Ranten und Rabalen. Der gewandte Italiener wurde nun bald bas Saupt bes fpanischen Cabinets, ber ganze Ginfluß, den die Orfini befessen, ging an ihn über; er brachte die Ronigin auf seine Seite, indem er ihre ehrgeizige Seele mit allerlei Hoffnungen und Traumen erfüllte, und berichte burch fie über ben mehr und mehr in Trubfinn verfallenden Bourbon. Bie einst die Lerma und Olivarez so vereinigte jest Alberoni, der fich in Rom ben Cardinalshut zu verschaffen mußte, die gange öffentliche Gewalt in feiner Band, und er besaß politischen Berftand und Unternehmungsgeist genug, seine machtige Stellung fo ju benuten, daß das Reich im Innern gefraftigt wurde, um wieder die frühere Berrichaft in Italien und im Mittelmeer zu gewinnen. Er war bemüht, durch zwedmäßige Reformen dem Staatshaushalt aufzuhelfen, mehrte und verbefferte die Marine und suchte, da die Berrichaft über Spanien und Indien ben Rachkommen Philipps aus der ersten Che dereinst zufallen mußte, ben Spröflingen feiner Gebieterin Elifabeth auswärtige Throne zu verschaffen. Und wie konnte er augleich beffer für seine eigene Machtstellung forgen, als wenn er fich aufs Engfte mit den Intereffen der Farneferin verband und ihre berrich. füchtige Seele mit Rriege. und Eroberungsplanen beschäftigte? Rounte nicht bei bem großen Bechsel ber Dinge, ber feit ben Friedensschlüffen eingetreten war,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wieder in dem früheren Umfang hergestellt, den öfterreichischen Sabsburgern die Beute wieder entriffen werden?

So lentte denn Alberoni, nachdem er an der Stelle des bisherigen Ministers Mberoni's politifce del Giudice an die Spipe der Staatsregierung getreten war, wieder in die Kriegs, und frieg politif der früheren Sahre ein und verband damit ein diplomatisches Rantespiel im tigfeit. grobartiaften Mabftab. Inbem er nach Innen burch eine aufgetlärte, wenn auch

ftreng monarchische Berwaltung die nationalen Kräfte und Lebensgeister zu weden bemüht war, machte er zugleich Anstrengungen die verlornen Provinzen zurudzuerobern und in allen Staaten die malcontenten Elemente in Bewegung zu bringen, theils um sich in ihnen Bundesgenossen zu berschaffen, theils um die andern Regierungen im eigenen Lande zu beschäftigen und sie außer Stand zu sehen, seinen kriegerischen Unternehmungen mit den Wassen Einhalt zu gebieten.

Er unterstützte insgeheim den englischen Prätendenten, als er in Cdinburg landete, um die Jacobiten und Legitimisten des Inselreiches unter die Wassen zu rusen, und unterhielt auch nach dem Scheitern dies Planes Berbindungen mit den Häuptern der Stuartschen Partei in den drei Ländern; er nährte die Unzustiedenheit des französischen Adels gegen den Herzog-Regenten; er begünstigte die conspiratorischen Umtriebe des schwedischen Grasen Görz, um den nordischen Krieg in Bewegung zu halten; er suchte den Fürsten Rasoczy aufzureizen, daß er in Ungarn und Siebenbürgen von Reuem die Fahne der Empörung aufrichte, und die Pforte zu dessen Unterstützung zu vermögen; er verstand es in den italienischen Staaten die Sympathien für Spanien zu weden. Denn jeder Uebergang in neue Berhältnisse erzeugt Mißstimmung und Unzustriedenheit unter einem Theil der Bevölkerung.

Man kann nicht umhin, die Thätigkeit und den fruchtbaren Geist des Mannes zu bewundern. Denn während er seine Hande nach allen Ländern aussitreckte, wußte er zugleich im eigenen Reich neue Hulfsquellen zu öffnen. "Plößlich, wie durch Zauber, schafft er in einem Lande, welches ein ganzes Jahr-hundert hindurch nicht mehr im Stande gewesen war, seine eigene Grenze zu verteidigen, nicht blos Geld zum Kriege, sondern auch ein Seer und eine Flotte." Bald nach seiner Arnennung zum Cardinal vernahm die Relt mit Arkaupen

1716. Bald nach seiner Ernennung zum Cardinal vernahm die Welt mit Erstaunen, daß eine spanische Flotte mit Ariegsmannschaft ausgelaufen sei: es hieß, sie follte Benedig und den Kaifer, die damals in einem heftigen Arieg mit der Pforte begriffen waren, in ihren Kämpfen gegen die Türken unterstüßen; aber plöglich

Kug. 1717. legte fie an Sardinien an, nöthigte die kaiserliche Besatung in Cagliari zum Abzug und nahm Besit von der Insel zur großen Freude der spanisch gesinnten Einwohner. Eine zweite stärkere Flotte landete bei Palermo, um Sicilien wieder unter die Herrschaft Spaniens zu bringen. Rachdem sich die beiden Hauptstädte unterworfen hatten, belagerte der Marquis von Lede die Citadelle von Messina, nach deren Bezwingung er seine 30,000 Spanier nach Reapel führen wollte. In Wien nahm man es dem papstlichen Stuhl sehr übel, daß er einem Feind des Kaiserhauses den Purpur verliehen habe, und legte Beschlag auf die Einkunste, welche römische Geistliche aus Reapel bezogen. Mittlerweile war der Bund der Sutt 1718. vier Mächte zum Abschluß gekommen, in Folge bessen der Admiral Byng mit

einer englischen Flotte in den sicilischen Gewässern erschien, um den Madrider Eroberungsplanen entgegenzutreten. Da der spanische Befehlshaber nicht von <sup>11. Aug.</sup> dem Belagerungstrieg ablassen wollte, so tam es zu einer Seeschlacht, in welcher die spanische Flotte am Borgebirg Paffaro fast ganzlich vernichtet ward. Bugleich rudte ein französisches Heer unter dem Herzog von Berwick über die Bidasso in

Spanien ein und besetzte Fuentarabia und S. Sebastian. Dies mar um diefelbe Beit, als ber Raifer bem Turkentrieg burch ben Baffarowiper Frieden ein Ende machte und nun die freigewordenen Truppen gur Bertheibigung feiner italienischen Staaten verwenden konnte. Run war wenig Aussicht, daß die Eroberungsplane Alberonis durchzuführen seien. Dennoch ftand ber ehrgeizige, unternehmende Minister-Cardinal nicht von seinem Borhaben ab: mabrend neue Schiffe und Armeen ausgeruftet wurden, dauerten in Paris und in dem britischen Inselreiche die conspiratorischen Umtriebe fort. Rie murde die Runft des Complottirens und Spionirens in folder Ausdehnung ausgenbt wie von ben beiden Kirchenfürsten, die damals diesseits und jenseits der Pyrenaen die Leitung der Staatsgeschafte in Sanden hatten und einander in Liften, Taufdungen und Rabalen zu überbieten fuchten. Bugleich murbe in Cabig ein Geschwader ausgerüftet, auf welchem fich ber Pratenbent, ben Alberoni von Italien nach Spanien tommen ließ, nach Irland einschiffen follte.

Wer weiß wie lange der verschlagene Staatsmann, der den König unbedingt Alberonis Sturk. beberrichte und bei ber Ronigin Alles galt, noch gang Europa in Athem gehalten batte, mare es nicht der frangofisch-englischen Diplomatie gelungen, bem Catbinal einen abnlichen Sturg zu bereiten, wie er ihn einft felbft ber Fürstin Orfini bereitet batte. Der uns mohlbefannte geniale Lord Beterbourough bewog ben Bergog bon Barma, daß er feine Richte und Stieftochter Elisabeth bon den berberblichen Blanen und Rathschlagen Alberonis unterrichtete. Dies gab den Unftoß au einer weiblichen Hofcabale, in Folge beren ber schwache Ronig fo geangstigt und eingeschuchtert ward, bag er sofort in die Entlaffung des Ministers willigte. Alberoni erhielt ben Befehl, binnen acht Tagen Madrid und binnen 5. Derbr. brei Bochen Spanien zu verlaffen. Ohne bag ibm eine Audienz gestattet worden mare, reifte er nach Genua und von da nach dem Rirchenstaat, wo er die übrige Beit feines Lebens verbrachte, von bem papftlichen Stuble bald verftogen bald acebrt.

Run wurde Philipp V. bewogen, Sarbinien und Sicilien gu raumen, feinen Sicilien an Anspruden auf bas ehemals spanische Italien ju entsagen und bem Bierftaatenbundnis Sarbinien beigutreten. Funfhundert fpanifch gefinnte Sicilianer folgten dem abziehenden Beer. an Piemont Bugleich murbe amifchen ben hofen bon Mabrib und Berfailles ein boppelter Chebund 3au. 1720. verabredet : ber Bring von Afturien vermählte fich mit der vierten Tochter des Bergogs-Regenten, mabrend Philipps eigene Lochter zweiter Che bereinft Ronigin von Frankreich werden follte. Der Bergog von Savopen-Piemont wurde veranlagt Sicilien gegen Sarbinien auszutaufchen; doch follte ihm der Ronigstitel verbleiben. Reapel und Sicilien murden dann wieder vereinigt und in beiden Staaten die habsburgifchofterreidifde Berricaft anerkannt.

Der neue Friedensbund mar jedoch nicht von Dauer. Die Auflösung bes Das find-offers spanisch-frangösischen Heirathevertrags durch ben Herzog von Bourbon-Conde reidliche nach bem Tobe bes Cardinals Dubois und bes Regenten (S. 866) und bie Rudfendung ber Infantin an ben elterlichen Sof machte in Madrid boses Blut.

Rurz zuvor hatte Philipp V., bem die Regierungsgeschäfte unerträglich waren, 3an. 1724. in einem Anfall von Schwermuth die Regierung feinem alteften Sohn Ludwig übertragen und fich mit feiner Gemahlin nach bem prachtvollen Luftichlof St. Ilbefonfo gurudgezogen, gum großen Berbruß feiner herrichfüchtigen Gemablin. Aber acht Monate fpater war Ludwig ploplic an ben Blattern geftorben und nun murben alle Bebel eingesett, um ben Ronig zu bewegen, bag er trot feiner eiblichen Entfagung bas Regiment wieder felbft übernahm ober vielmehr bie Ronigin in feinem Ramen regieren ließ. Und biefe brachte es nun babin, bag Philipp V. von dem frangofisch-englischen Bundniß gurudtrat und fich bem Raifer naberte. Unter Bermittelung eines intriganten hollandifchen Abenteurers, Baron Ripperba, ber in Spanien burgerlich anfaffig geworben, gur tatholifden Religion übergetreten mar und fich bas Bertrauen ber Ronigin zu erwerben ge-80. Apr. wußt hatte, wurde ein geheimer Friedens. und Freundschaftsvertrag in Bien abgeschloffen, fraft beffen Philipp V. versprach, bem Raiferhaus ben Befit von Italien und Belgien nicht langer ftreitig zu machen, und ber neugegrundeten oftindifchen Sandelsgesellschaft von Oftende manche Bergunftigungen einraumte, wogegen ber Biener Sof bie Bourboniche Succession in bem au Utrecht festacfetten Umfang anerkannte und fur bie Burudgabe Gibraltars an Spanien fowie für die Biedergewinnung ber verlornen Orte und Landschaften an ben Phrenaen au wirken fich verpflichtete. Auch in Betreff bes bereinftigen Anfalls von Barma und Bigcenza an ben altesten Sohn ber Ronigin Elisabeth, ben Infanten Don Carlos, so wie über die Erbfolge in Toscana bei dem bevorstehenden Erlöschen bes Mediceischen Saufes und andere Eventualitäten wurden Berabredungen getroffen und wohl auch icon bamals bie Succession in Defterreich für ben Rall, baß Rarl VI. ohne mannliche Leibeserben aus ber Belt geben follte, in Aus-

Minifters medfel in

ficht genommen. In diesem Bundniß lagen die Reime neuer friegerischer Berwidelungen Brantreid. berborgen. England, bas bavon am nachften bedroht mar, fuchte nicht nur die Allians mit Frankreich festzuhalten, sondern Schaute fich auch nach andern Berbunbeten um. Bielleicht mare es ichon jest zu Feindseligkeiten mit Spanien und Defterreich getommen, wenn nicht um biefelbe Beit, ba ber ermannte Ripperda in Madrid die öffentlichen Angelegenheiten ganz nach bem Sinn und im Intereffe ber leidenschaftlichen Ronigin leitete, in Baris ein Ministerwechsel stattgefunden 3m Bertrauen auf die Gunft ber Ronigin Maria Lesezonsta, die dem machtigen Bourbon ihr ganges Glud zu verdanten hatte und in den erften Sahren ber Che auf das Berg ihres Gemahls noch einigen Ginfluß befaß, benahm fic ber Minister anmagend und übermuthig und gestattete sich große Billfurhand. Inngen. Er lag nicht nur mit bem Barlamente, bas feinen Mungberanderungen, feinen neuen Steuereditten, feiner Bieberbelebung berjährter Gefälle und Tagen widerstrebte, in emigem Saber, er verscharfte nicht nur Die Religionsbedrudungen gegen die Sanfenisten und die Strafgesetze gegen die Calviniften und ihre "Ber-

sammlungen ber Ginobe", er griff nicht nur die Freiheiten und Privilegien bes frangöfischen Rierus an; er betrug fich auch berrifch und rechthaberifch gegen ben Ronig. Ramentlich war er voll Gifersucht auf ben Bischof Fleury von Frejus ben früheren Lehrer Ludwigs. Go oft er in bas Cabinet bes Ronigs tam, fand er ben geiftlichen herrn bor, beffen Unfichten und Borfchlage auf feinen ehemaligen Bogling ftets großen Ginbrud machten. Er fuchte ben Rebenbuhler baber burch eine Lift zu beseitigen. Auf feinen Rath hielt einft bie Ronigin ihren Gemahl fo lange in ihren Gemachern gurud, bis die Stunde berangerudt mar da ber Bergog bem Ronig Bortrag halten follte. Die Situng fand bann bei ber Ronigin ftatt. Bleury, ber im Cabinet vergebens gewartet batte, mertte bie Abficht und begab fich fofort auf fein Landhaus, um ben Monarchen zu nöthigen, zwischen beiden feine Entscheidung zu treffen. Er erreichte feinen 3med. Ludwig, der ben Rath feines Lehrers nicht miffen wollte, ließ ben Gefrantten fofort gurudtommen und gab ber Ronigin die Beifung, ferner nur ben Borten bes Bifchofs Gebor ju ichenten. Darauf wurde Bourbon, der "an Leib und Seele gleich baglich" allgemein berachtet und gehaßt mar, nebft der Marquife bom Sof verwiefen und Fleury in 3uni 1726. ben Staaterath berufen, wo er balb die erfte Stelle einnahm und mit bem Ronig allein die Staatsgeschafte beforgte. Roch in bemfelben Sahr ertheilte ber Papft bem wegen seiner Renntniffe wie wegen seiner Tugenden und seiner friedfertigen Bemutheart allgemein geachteten geiftlichen Staatsmann, ber bereits in fein breiundfiebenzigstes Lebensjahr getreten mar, ben Cardinalsrang. Seitdem mar Rleury, ein Manu von feinem Geift und Berftand, ber die Belt und die Menschen richtig beurtheilte, die fcwierige Lage Frankreichs erkannte und mit nuchternen praktifchen Bliden bas Leben anschaute, aus allen Rraften bemuht im Innern Rube und Berjöhnung ju ftiften, Sandel, Induftrie und Aderbau ju beleben, burch zwedmäßige Berbefferung bes Steuer- und Finanzwesens und burch Sparsamteit und Ordnung im Sanshalt die Rothftande ju milbern, die Ungufriedenheit ber höheren Stande auszugleichen, die öffentlichen Baften zu erleichtern, die firchlichen Streitig. feiten zu beendigen (G. 423).

Um in den häuslichen Angelegenheiten desto freiere Hand zu haben, war Fleurds Fleury zugleich bemüht nach Außen so lange als möglich den Frieden zu be- Briedents wahren. In diesem Bestreben wurde er wesentlich unterstüßt durch die auf dem Lustschloß Herrnhausen geschlossene "hannöverische Allianz", worin sich England, Frankreich und Preußen zur Erhaltung des Friedens auf Grund des Bestehenden die Hände reichten und zu gemeinsamem Borgehen gegen jede Störung sich ver- Sept. 1726. pslichteten, eine Bereinbarung, der auch Holland, Schweden und Dänemark beitraten. Dieser neue Staatenbund bewirkte, daß man in Wien behutsamer austrat und den unruhigen Ehrgeiz der spanischen Königin und ihres willfährigen Ministers Ripperda zu zügeln beschloß. Die beabsichtigte Wiedereroberung von Gibraltar schlug sehl, weil die versprochene kaiserliche Hüsse ausblieb. Congresse wurden angeordnet, diplomatische Künste ins Werk geseht, Gesandte und

Agenten in Thatigkeit erhalten, Alles nur um zu taufden, um Beit zu gewinnen. um unter bem Scheine politischer Beschäftigfeit jede entscheidende Bandlung ju vermeiben, durch diplomatische Spinngewebe das Schwert in ber Scheibe zu halten. In Mabrid überzeugte man fich endlich, bag in Defterreich tein guter Bille vorbanben fei. Der Unmuth über die erlittene Taufdung brudte in bem Gemuthe ber Rönigin Elisabeth ben Groll über die Beleidigung von Seiten bes frangofischen Bofes nieder und machte fie geneigt, als Fleury burch einen eigenen Gefandten in feinen Borten Abbitte thun ließ, fich ben Berbundeten wieder au nabern. Rach langeren Berhandlungen auf dem Congres von Soiffons wurde der Biener 2. 900.1729. Bertrag aufgeloft und bafür in Sevilla ein neues Abtommen mit Frantreich und ben Seemachten abgeschloffen, bas im Befentlichen ben in bem Utrechter Friedens. mert geschaffenen Buftand als rechtsgultig besteben ließ, ber öfterreichischen Sanbelsgesellschaft von Oftenbe, die ben Englandern wie ben Bollandern gleich verhaßt war, ein Enbe machte und bem Infanten Don Carlos die Anwartschaft auf Barma und Toscana verlieb. Rach einigem Bebenten trat benn auch ber Raifer 16. Mars in einem neuen Biener Tractat diefer Uebereinfunft bei, als England fich bereit zeigte, seine pragmatische Sanction binfictlich ber Erbfolge in Defterreich anauertennen.

#### 3. Italien.

Der spanische Erbfolgefrieg griff tief in bas Staatsleben Staliens ein und Stalien Riechenftgat, wedte von Reuem Die politischen Leidenschaften früherer Jahre. Bar Doch ber Rampf zwischen ben beiben Machten entbrannt, Die seit zwei Sahrhunderten einander den Rang in der schönen Salbinfel abzugewinnen gesucht hatten. Und so traten benn auch die entgegengesetten Parteiintereffen für die bourbonische wie für bie Sabsburgische Sache in ben Gingelftaaten icharf berbor. Benn Aufangs bie frangofifch-fpanischen Sympathien vorwiegend maren, fo bewirtte bas Baffenglud ber Berbundeten mit ber Beit einen Umfdwung, obicon Philipp V., um ben Muth und die Biderftandetraft feiner Anhanger zu beleben, felbft in Dailand und Reapel ale Ronig und herr auftrat. Ale nach ber Unterwerfung Dberitaliens die öfterreichische Armee unter General Daun nach Gaeta und Reapel vordrang, als die vereinten Flotten der Seemachte vor ben Infeln Sicilien und Sardinien erschienen und die Ruftenlander am torrhenischen Meer bedrobten; ba erlangte die Sache Rarls III. allmählich das Uebergewicht; ber bourbonischen Bartei blieb nur das unfichere Mittel conspiratorischer Umtriebe und Aufftande. Selbst Papft Clemens XI., ber schon als Cardinal Albani für Frankreich in bie Schranten getreten war, ber bann als Rirchenhaupt burch feine Enticheibung wefentlich bewirft hatte, daß Rarl II. ben Bourbon jum Erben ber gefammten spanischen Monarchie einsetze, sab fich endlich genöthigt, als taiferliches Rriegevolt an die Grenzen des Rirchenftaats vorrudte und Joseph I. mit ber Abwerfung

ber Lehnshoheit des papfilichen Stuhls über Reapel und ber bamit verbundenen firchlichen Ginkunfte brobte, ben Sabsburger Rarl III. als Ronig bon Spanien fammt ben bagu geborenben italienischen Staaten anguertennen. Es tam ibm ichwer an, in eine Umgestaltung zu willigen, die hauptfächlich von protestantischen Rachten ausging, gegen einen Konig Partei ju nehmen, ber fich die Forderung ber tatholischen Intereffen so febr angelegen sein ließ. Aber er tonnte ben Lauf ber Dinge nicht bemmen. Als Rarl III. nach feines Bruders Tob jur lebernahme feiner öfterreichischen Erblande und ber balb barauf von ben Aurfürsten ibm quertheilten Raiferfrone über Mailand reifte, regte fich in den italienischen Landen tein Biderspruch mehr gegen die Rechtmäßigfeit feiner Autorität. Die ausaeidriebenen Reichsfriegssteuern, wie schmerzlich fie auch empfunden murben, mußten entrichtet werden. Die Friedensschluffe von Utrecht und Raftatt brachten in diefe Berhaltniffe infofern eine Bandlung, daß ber Bergog von Savopen-Biemont gum Ronig von Sicilien erhoben und am Ende bes Jahres in Palermo 24. Decbr. gefront marb. Bir miffen, daß biefe Uebereintunft nicht von Dauer war, bag Bictor Amadeus einige Jahre nachher Rönig von Sardinien wurde und Sicilien unter bie Sabsburgifche Berrichaft gurudtehrte. Dem Papft wurde bei biefer Umwandlung feine Mitwirfung jugestanden. Ohne bag man nur seinen Rath begehrt hatte, wurden die beiden Inselstaaten, die er als feine Leben betrachtete, an fremde Rurften übertragen. Und fo eigenmächtig griffen diese in die firchliche Berfaffung ein, daß ber Runtius wiederholt Reapel verließ und in Sicilien mehrere hundert Beiftliche, die in dem zwischen Papft und Ronig ausgebrochenen Streit Bartei für Rom nahmen, von der Infel verjagt wurden. Und balb erlitt 1716. ber papftliche Stuhl noch eine weitere Befchrantung feines Ginfluffes über bie italienischen Staaten. Es ift ermahnt worden, wie eifrig bie spanische Ronigin Elifabeth von Barma bemuht mar, für ihre Sohne felbständige Berrichaften ju erlangen. Da nun ber Mannftamin bes Saufes Farnefe bem Erlofchen nabe war, fah fich ber Raifer burch die politische Lage Europa's bewogen, die Unwartichaft bes Infanten Don Carlos auf bas Bergogthum Barma und Biacenga anzuerkennen und als einige Beit nachher ber Bergog Antonio ohne Rinder aus ber Belt ging, bas Land bem Bourbonischen Fürsten wirklich zu Lehn zu geben (1731), also eigenmächtig über ein italienisches Gebiet zu verfügen, bas zwei Jahrhunderte unter papftlicher Oberherrlichkeit geftanden. Die Protestation bes Bontificats batte teine Birtung. Ginige Beit nachber wurde berfelbe Infant Don Carlos Ronig von Reapel und Sicilien, und nun übertrug der Raiser das 1788. Bergonthum bem jungeren Bruder Don Philipp, beffen Sohn Ferdinand mit bem papftlichen Stuhl in einen Streit gerieth, ber wichtige firchliche Reformen jur Kolge hatte. Don Carlos regierte ein Bierteliahrhundert über das Ronigreich beiber Sicilien, bas traft eines Familiengesetes nie mit Spanien verbunden werden follte, und war bemuht die alten Difftande der fpanischen Berrichaft durch zeitgemäße Reformen zu beseitigen ober zu mindern. Als er nach bem

Tobe feines Salbbruders zu bem fpanischen Thron berufen wurde, übertrug er Die Berrichaft über bas vereinigte Ronigreich Reapel und Sicilien feinem minderjahrigen Sohne Ferdinand IV., beffen ereignisvolle Regierungezeit Die frangöftschen Revolutionsfturme und die Reftauration überdauerte. — Bei allen diefen Beränderungen in der apenninischen Salbinfel war die romische Enrie wenig betheiliat: Die weltbeberrichende Stellung bes Pontificats war vorüber, ber Beitgeift des achtzehnten Sahrhunderts wandte fich von den firchlichen Intereffen ab. Immer mehr entzogen fich die weltlichen Dadite bem Ginfluß ber Rirche und ordneten die europäischen Berhaltniffe nach politischen Motiven. Diesem Streben Bene- leiftete Clemens' XI. zweiter Rachfolger Benedict XIII., ber auch auf bem 1724-1730. papftlichen Stuhl die Lebensweise eines Bredigermonche fortführte, Borfcub, indem er feinen Ginn ausschließlich religiöfen und firchlichen Dingen gumanbte. Clemens XII., ber nach bem Aussterben ber Bergoge von Urbino bem papftlichen mene XII. Stuhle die Schupherrichaft über die tleine Republit San Marino erwarb, wen-1780-1740. bete, bem Beifpiele feines aweiten Borgangers gleichen Ramens folgend, fein Angenmert hauptfächlich auf die Bermehrung ber Runftichage und auf die Bereicherung ber vaticanischen Bibliothet burch werthvolle Sandschriften, ein Be-Bene ftreben, bas anch fein Rachfolger Benedict XIV. theilte, ein gelehrter, mohl-1740-58. wollender und scherzhafter herr von einfacher edler Sitte. "Wit freiem Blid überschaute er bas Berhalmig bes papftlichen Stubles ju ben europaischen Machten und nahm mahr, was fich halten laffe, was mon aufgeben muffe." Der politische Einfluß früherer Tage war bem Bontificat durch die weltlichen Großftaaten entriffen worden. Benedict mußte zufrieden fein, wenn es ihm gelang, die Burbe ber Curie gegen die tatholischen Fürsten burch verftandiget 1763. Nachgeben aufrecht zu halten. Go verzichtete er in einem Concordat mit Spanien

auf die Bergabung der tleineren Pfründen, wogegen der Ronig einwilligte, ben Berluft ber Eurie durch eine namhafte Gelbentschädigung anszugleichen. Auch "Dergeftalt verföhnten nich Portugal und ber Raifer erlangten Bugeftanbniffe. Die tatholischen Sofe noch einmal mit ihrem firchlichen Oberhaupte." Aber mehr und mehr tam der Beitgeift in Biberfpruch mit der pontificalen Autorität. In der Biffenschaft wie im Staatsleben machten fich Tenbengen geltenb, welche gu ber

Rirchenlehre in schroffen Gegensat traten. Die Jefuiten, die standhaftesten Ber-

fechter ber papftlichen Allmacht, murben überall angefeindet und verfolgt. Schon Me Clemens XIII. war außer Stand, die Bater gegen die Angriffe Pombals und der 1758—1769. bourbonichen Bofe zu schügen; und fein Rachfolger Clemens XIV. Ganganelli, mens XIV. ein freifinniger Mann "boll Calent und iconer Menschlichkeit", mußte die Auf-

hebung ber Gefellichaft Befu aussprechen. Ein neuer Geift wehte und burchdrang die Belt.

Sarbinien-Niemand hatte in ben schwierigsten Lagen seine politische Rolle so gludlich Biemont. und erfolgreich burchgeführt als Bictor Amadeus II. von Savogen-Piemont. Er hatte in bem Utrechter Frieden sein Gebiet durch wichtige Territorien abs gerundet und gemehrt, er hatte fein Bergogthum zu einem Ronigreich Sardinien erweitert. Und nicht blos auf Bergrößerung und Befestigung seines Reiches war fein Sinn gerichtet; er verbefferte auch die Rechtspflege und beforderte Sandel und Bewerbe; er entrif bem Abel die lange befeffenen Domanen und mehrte die Ginfunfte ber Rrone; er grundete die Universität Turin, bob den Schulunterricht und ordnete bie firchlichen Berhaltniffe burch ein Concordat mit Rom, wobei ber Staat nicht zu turs tam. In einem Alter von 64 Jahren übergab er feinem Sohne bie Regierung 3, Sept. und bermablte fich mit ber Grafin San Sebaftiano, Die erft Sofdame bei feiner Mutter, bann bei feiner Schwiegertochter gewesen; aber berftimmt, daß man seinem Rath nicht in Allem folgte, und von seiner ehrgeizigen Gemablin aufgereigt, wiberrief er im nadiften Babr feine Thronentsagung, weil fein Sohn nicht fabig ware zu regieren, wurde aber auf ben Borfchlag bes Ministers b'Ormea burch einen Befchluß bes Staatsraths gefangen weggeführt und lebte bann noch breigehn Monate, bon aller Belt geschieden, tummervoll und ftrenge überwacht im Schloffe bon Rivoli. Geiftig gebrochen murbe er tury bor feinem Tode nach Moncarlier in Saboyen gebracht, wo er berfchied. Die Grafin endete im Rlofter, 1. Ron. tief gefrantt in ihrer Ehre. Rarl Emanuel III. erwarb im öfterreichischen Rarl Ema-Erbfolgetriege einige beträchtliche Landftriche vom Bergogthum Mailand und 1730-73. fucte durch geordneten Staatshaushalt und durch Beigiehung ber Beiftlichkeit ju ben Steuern bes Landes die großen Ausgaben ju beden, die ein übermäßiger, tofffvieliger Militarftand unter abeligen Officieren berbeiführte. Dabei mar er auf Abstellung und Erleichterung ber Feudallaften bedacht und traf manche gute Einrichtung, ohne die reformirende Saft vieler gleichzeitigen Fürsten und Minister ju theilen. Aber ein abgelebter Staat und ein erschlafftes unmundiges Bolt trug nicht die Rraft in fich, einem machtigen Stoß bon Außen zu widersteben; als unter Bictor Amabeus III., ber bes Baters gute und fehlerhafte Magregeln fortsette, die frangofische Revolution an die Thore von Savoyen und Biemont schlug, wurde das Land bald eine Beute der anstürmenden Rachbarn.

Mubiam bewahrte die Seerepublit Genua ihre Selbständigkeit und ihre Benna und autonome Berfaffung gegen die Eroberungefucht Savopens und Franfreichs wie gegen die Umfturzversuche im Innern. Der Utrechter Frieden war dem Gemeinwefen förberlich, indem er das Uebergewicht der Habsburger, denen der Handelsund Gelbstaat von jeher ergeben mar, in ber avenninischen Salbinfel aufs Reue begrundete. Aber für republicanische Rleinstaaten war die Beitrichtung ungunftig; die monarchifche Staatsordnung mit ihrem ftrammeren centraliftifchen Bermaltungsspftem entsprach mehr bein Genins bes Jahrhunderts; Die loderen und schlaffen Formen einer gegliederten Bielherrschaft, wobei oft perfönliche felbstfüchtige Motive oder Barteiintereffen in ben Bordergrund traten und die Bolitit beherrschten, reigten leicht zur Opposition und zu Reuerungsversuchen. Auch Genua hatte mter biefer Beitrichtung zu leiben. Die Insel Corfica, die seit dem vierzehnten

Infriender une de frechni de Menhill sehnder, made det der derseriger eteliger Lucieren, wenne de Southairemande mit alle emerginer Lemes u Keig inner mit ar inem Borchei unbeneen, ihner gebeidt. De Legischerber nuche und wurde burch frücknisse und Berbende genicht und oridair. Canad prifes die nades beneficies Comming as des Safies. verager fice Leinger von der Infel und beingener Beiter. Die finder die Squore fulle be ben Ante. Auf innbe Merchifdet Armyball mer Latinus son Beierenberg und ber finde, weiches bie betreibe Befinne Bert: The wifelers, edge on Inners underend enter quentilizates Artest grafe Sciulus buck die Infangenen eilen. Liner finfentiger Bermufang fan endlich er Archaeocras prides de Aceaul and des Aideas des Anthonices Lug G. for mit Anters Enemaly as Cambe. Men be Crimerum be Comirier donere font mit werte met gestegent als die Comirie mehren Comper der Acielles, wecht zu Kerreinen zur den abgeführfenn Frieden fich n der Grate vogen, us Gefängus werfen und nur auf meddenklichet Belangen des Antiers fie wieden in Rentier fegen. Bald undfier Tiffete ber über Die prin iche Könrasmein ausgebendene Arieg auch in Junien neue Könspie beibei, entem francis fastantiche Leutpen in das Mattendiche berbennen und Montue und Seeme bedroften : aufs Neue wert die lambarbifche Steine ::: Aregeineren burchide men, mit Blut gemint. Die zwei fenfelichen Gereführer Geaf Meren und Matrong von Bantemberg leffen ihr Beben in ber Felbichladt, ber site Marichal Balart fart auf ber Committe in Turin. And Spanies 1794 milde fich in den Stient und einberte Reinel und Siefen. Diefe fringeriche Aufregung warf ihre gunbenbe Rruft auch nach ber Jufel Corfice und rief nem Aufrande und revolumenare Rampfe bervor. Bei biefer Gelegenheit trut eine hiftsriche Entrofität ju Lage: ein benticher Abenteuter, Baron Theobor von Renhof and Benfalen, ber nach allerlei Schuffalen in fpanifchen Ariegebierften nach Africa verfchlagen worden und auf Empfehlung bes Den bon Tunis, beffen Beiftand die Corfifquer angerufen batten, mit geringen Geldmitteln und einigen 1736. Miethfolbaten auf ber Infel landete, wuste durch fein ungüeriofes Auftreten und Benehmen ben Glauben ju verbreiten, daß ihm große Gulfemittel ju Gebott ftanben und auswartige Botentaten ihn unterftüten. Er erlangte folches Anfeben bei den Eingebornen, daß fie ihn jum König andriefen. Aber feine Rolle mar bald ansgespielt. Rach einigen Monaten, als die Corfifaner fich in ihren Erwartungen getäufcht faben, tam ber "Konig Theodor" in folde Berlegenheit, bas er es gerathen fand, fich als Mond verfleidet burch die Flucht bem erbitterten Bolle zu entziehen. Er ordnete eine Regentichaft an und begab fich nach ben

Riedersanden, um sich Geldmittel zu verschaffen. So gelang ihm auch bei einigen Kansseuten, deuen er vortheilhafte Handelsbedingungen in Aussicht stellte, Unterstühung zu erlangen, so daß er mit Wassen und Ariegsvorrath noch einmal auf der Insel erscheinen konnte. Aber mit seinem Königthum war es vorbei. Er

füchtete fich nach England, wo er von Gläubigern verfolgt, bald in die bochfte 1737. Roth gerieth. Siebenzig Jahre fpater erlebte Die Belt ein ahnliches Schauspiel. Bie der Beftfale Theodor Neuhof Konig von Corfica war, fo der Corfe Jerome Bonaparte Ronig von Beftfalen. Die Geschichte liebt es manchmal in ihre ernften Blatter Buge von Sumor einzuflechten. Die corficanischen Insurgenten festen auch nach bem Abzug des beutschen Abenteurers den Rampf fort und brachten fast die gange Infel in ihre Gewalt. Da riefen die Genuefen die Bulfe bes Ronigs von Frantreich an, ber bann auch einige taufend Mann unter bem Grafen von Boif. 1788. fieng nach Baftia schickte. Es tam zu einem Baffenftillftand, aber zu teiner aufrichtigen Aussohnung mit ben Genuesen. Als ber öfterreichische Erbfolgetrieg bie openninische Salbinsel mit neuen Stürmen beimsuchte, wurde auch Genua in Ditleibenschaft gezogen. Die Republit wurde von taiserlichen Truppen besetzt und follte gezwungen werben, die Landichaft Finale an Sardinien abzutreten. Allein die Benuefen erregten einen Aufftand und folugen die Defterreicher mit großer 1748. Tapferteit zu ihren Mauern hinaus; alle Anftrengungen ber Feinde, die Stadt wieder zu erobern, waren vergeblich. Im Nachener Frieden erhielt die Republik ihr ganges fruberes Gebiet gurud. Rur Corfica tonnte nicht behauptet werben. Die Insurgenten vertheibigten fich mit folder Standhaftigfeit und Tapferteit, besonders feitdem ber friegskundige General Basquale Baoli an ihrer Spige ftand, daß die Genuesen, auch als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ihnen neue Sulfstruppen fandte, ber ichwerzuganglichen Infel nicht Deifter wurden. Alle Bermittelungs. versuche von Seiten Frankreichs icheiterten an bem Saffe ber beigblütigen Bevölkerung gegen die aristofratischen Sandelsherren. Die Republit, erschöpft burch bie langen Rampfe und Anftrengungen und ben Roftenaufwand erwägend, ben die eigenen Eruppen und die Gubfidien fur die frangofifche Bulfe der Staatelaffe bereiteten, tam endlich zu bem Entschluffe, ben Frangofen, welche im Befit einiger feften Orte maren, die Infel als Entschädigung fur bie aufgewendeten Rriegs. foften furg bor ber Geburt Rapoleon Bonaparte's vertragsweise abzutreten. 1768. Run schickte die frangofische Regierung eine größere Truppenzahl nach ber Infel. Diefer gelang es allmählich, ba mittlerweile unter ben Infurgentenhäuptern felbft Bwietracht und Parteiung eingetreten war und die Benbetta ber feindlichen Invafion Borichub leiftete, Corfica nach großen Anstrengungen gur Unterwerfung ju bringen. Paoli, "eine antife Geftalt, die fich in bas achtzehnte Sahrhundert verirrt hatte", tam ins Gebrange, fo daß, als die Franzosen Corte, den Hauptfis der Insurgenten einnahmen und viele feiner Genoffen die Flucht ergriffen, mai 1769. auch er nicht langer auf bein beimischen Boden in Sicherheit weilen konnte. Er Schiffte fich nach Livorno ein und suchte bann eine Bufluchtsftatte in England. Bon ber Beit an war Corfica eine frangofische Befigung Die Seerepublit tam nicht mehr in die Lage, ben Rudtauf, ben fie fich vorbehalten, vorzunehmen. Sie mußte bald für ihre eigene Erifteng fampfen.

Totcana. Bir haben das Mediceische Haus in seinen letten unwürdigen Sprößlingen früher tennen gelernt (S. 323). Schon feit einer Reihe von Jahren lebte Giovan Gaston in Berwürfniß mit seiner beutschen Gemablin, die fich in Bohmen aufhielt; an Rachtommenschaft war nicht mehr zu benten. Gben fo fruchtlos war der Berfuch, durch Berheirathung seines Bruders, des Cardinals Francesco Maria bem Mediceischen Saufe einen Erben ju erweden; wer beffen Jugend. geschichte tannte, glaubte an teinen Erfolg. Rur mubsam wurde er bewogen, unter Bergichtleiftung auf einen großen Theil feiner reichen geiftlichen Gintunfte 1709. mit Cleonore, ber Tochter bes Bergogs von Guaftalla eine Che gu fchließen. Aber fo verrufen waren die Mediceer wegen ihrer geschlechtlichen Ausschweifungen, bag bie Bermählte aus Furcht vor Anstedung jede ebeliche Annaherung ftand. 2. Febr. haft verweigerte. Rach zwei Jahren ftarb Francesco Maria de' Medici an der Baffersucht und nun war an dem baldigen Erloschen des florentinischen Bertscherhauses nicht mehr zu zweifeln. Bie follte es aber nach dem Tobe Gaftons gehalten werben? Bon ber Ginfegung eines fremben Fürften burch ben Raifer wollten die Klorentiner nichts wiffen, weil Toscana, mit Ausnahme bon Siena und Arezzo vom Reich gelöft war und fie nicht wieder unter die taiferliche Lehneberrlichfeit fallen wollten. Den Florentinern aber ein Selbstbeftimmungerecht einzuräumen, fo bag fie entweder zu ber altrepublitanifchen Staatsform gurud. tehrten ober einen neuen Großherzog unter ben Bermandten ber Debici bon weiblicher Seite mablten, wiberftrebte ben politischen Anschauungen ber Beit. So blieb benn Jahrzehnte hindurch Die Succession in Loscana eine fcmebende Frage und je nach ber politischen Lage Europa's, nach dem vorwiegenden Ginfluffe biefes oder jenes Staates oder Fürsten tauchten eine Menge Projekte auf. Die meifte Ausficht hatte ber fpanische Infant Don Carlos, auch nachbem er schon in ben Befit bes Farnefischen Erbes getreten war. Als bemfelben aber noch bei Lebzeiten Gastons die Krone von Reapel und Sicilien zu Theil ward, tonnte von seiner Succession in Floreng teine Rede mehr fein. Daber tamen bie 1735. Großmachte in bem Biener Braluninarfrieden überein, daß Bergog Frang Stephan von Lothringen, ber junge Gemahl ber Raifertochter Maria Therefia, gegen Abtretung feines eigenen Landes an Stanislaus Lesezonsti bas Erbe ber Mediceer als eigenes auf feine mannlichen und weiblichen Rachtommen vererb. 9. Juli 1737. bares Großbergogthum Toscana erhalten follte. Zwei Jahre nach diefem Biener Abkommen ftarb Safton und nun besetten öfterreichische Truppen die Arnoftabt, unter beren Schute bann bie gesetlichen Bestimmungen ber Uebertragung gegrams troffen wurden. Gin Streit über die Mediceifche Allodial-Berlaffenschaft und die Bezahlung ber Landesschulden wurde durch die Bermittelung des Raisers 1738. ausgeglichen, fo baß ber neue Großbergog Francesco in ben vollen Befit bes Ban. 1780. Landes Toscana gelangte. Bu Anfang bes nachsten Jahres erschien er mit feiner Gemahlin in Florenz und nahm die Huldigung entgegen. Doch verweilte tr

nur einige Bochen in der alten Runftstadt am Arno und nahm auch in ber Folgt

nie seine bauernde Residenz baselbst. Der Balazzo Bitti ftand verwaißt; bas glanzende Sofleben bon ehebem mar nur noch eine hiftorifche Erinnerung; ber neue Großbergog befaß wohl ben taufmannischen Beift ber Debiceer aber nicht ben Sinn bes Saufes fur bie idealen Guter ber Runft und Biffenschaft; auch tam der Bewinn feiner vollswirthichaftlichen und großhandlerischen Unternehmungen weniger feinem italienischen Lanbe als dem Raiserstaat zu gut, da bie florentinische Staatstaffe in fritischen Momenten öftere ben öfterreichischen Finangen zu Sulfe tommen mußte. Erot der pragmatifchen Beftimmung, daß bas Großherzogthum Toscana nie mit ber öfterreichischen Monarchie unter Einem Oberhaupte vereinigt werben sondern ftets eine Secundogenitur bes hauses habsburg bleiben follte, konnte bas Laub fich boch dem Ginfluß bes Grofftaats und bes vermandten Biener Sofes nicht entziehen. Stephan folgte fein zweiter Sohn Leopold, unter dem das Großherzogthum Leopold 1785-90, gludlichere Beiten erlebte. Die Laften, die burch eine Reihe mißtrauischer, thrannischer, gelb- und luftsuchtiger Fürsten auf bie Schultern ber Unterthanen gemälzt worden waren, murden vermindert; viele von Gefchlecht zu Gefchlecht bererbte Migftanbe und Rechtsungleichheiten burch verftandige zwedniagige Reformen abgefchafft, Agrarverhaltniffe, Gewerbwefen, Gemeindeordnungen, Rechtspflege, Schule und Rirche, alle öffentlichen gemeinnützigen Unftalten burch organisatorische Thatigkeit von alten llebeln befreit. Leopold felbft veröffentlichte ein Compte rendu seiner Regierung, worin er seinen Unterthanen gleichsam Rechenschaft ableate von Allem was unter ihm zur Ausführung ge-"Diefes Compte rendu mußte die schönfte Beschichte ber Balintommen. genefie des Landes werden. Er forgte für das Bohl feines Boltes oft felbft mit ber Detail-Sorgfalt, wie ein Sausvater fur feine Familie, und feine Staats. berwaltung war zum Theil auch bas Resultat von Experimenten". Wir werden bem trefflichen Fürften, ber im Beifte seines Bruders Joseph handelte, nur mit mehr Borficht, an einem andern Orte begegnen. Als er zur Uebernahme bes Raiserthrones nach Bien gerufen ward, übergab er Toscana feinem zweiten Cohne Ferdinand Joseph.

#### 4. Venedig und die Türkenkriege.

Der Friede von Carlowip war auf fünfundzwanzig Sahre abgeschloffen. Die Pforte Aber er dauerte nicht fo lange. Die Turfen konnten es nicht verschmerzen, daß Earlowiber fie ihren Feinden fo große Bugestandniffe batten machen muffen, daß Defterreich Ungarn und Siebenbürgen gewonnen, daß die Republit Benedig ben Beloponnes und unehrere wichtige Plage in Dalmatien als Siegesbeute bavongetragen, bag felbst der Bar von Mostau die Seeftadt Afom an fein Reich gebracht hatte. Den Ruffen hatten fie, wie uns bekannt, durch ben Frieden am Bruth die pontifche Befigung wieder abgenommen; follten fie nicht auch die Marcusrepublit num-

mehr aus ber "usurpirten" Halbinsel vertreiben und die Alleinherrschaft über das griechische Meer an die Pforte bringen? Die Griechen selbst, versicherte der kriegerisch gesinnte Groß. Wester Damad Alipascha im Divan, wünschten sehnlich wieder unter die Herrschaft ihres alten Herrn, des Sultans zurüczukehren. Roch war das Abendland mit seinen eigenen Angelegenheiten vollauf beschäftigt und ein Kriegsbund der christlichen Staaten wie ehedem nicht zu befürchten. Die Kriegspartei trug den Sieg davon: ausgedehnte Küstungen, Küllung der Arsenale und Borrathshäuser, Berstärkung der Grenzbesestigungen deuteten auf seindliche Absichten; die Besorgnisse der kaiserlichen Regierung in Wien suchte man auf diplomatischem Wege zu beruhigen. Benedig sollte isolirt und überwältigt werden, ehe europäische Vermittelungsversuche in die Action einzugreisen vermöchten. Rur der Papst stand der Signorie bei, indem er die italienischen Kürsten zur Unterstützung aufsorderte und eine Besteuerung der venetianischen Kürsten und Klöster gestattete.

Der Kampf um Morea 1714. 18. Boltsstamm der Tschernagorzen oder Montenegriner, der in dem schwerzugäng. 1. Berans lastung. lichen Berg- und Thalland eine gewisse Unabhängigkeit gegenüber der Pforte zu bewahren gewußt und unter einem geistlichen und weltlichen Oberhaupte, Bladika, in patriarchalischen Familien- und Gemeindeverbänden als kräftiges Ariegerund Jägervolk dahinlebte, strebte im Bertrauen auf das religionsverwandte Rußland, unter dessen Schupherrschaft sich der Fürstbischof gestellt, jede Berbindung mit der Türkei abzustreisen. Bon Nuuman Köprili, Pascha von Bosnien bei Zwornik besiegt, suchten die Bolkshäupter eine Zuslucht auf venetianischem Gebiet. Die Signorie gewährte den Flüchtlingen eine Freistätte in Cattaro und weigerte die verlangte Auslieserung. Dies gab der Pforte den willkommenen

Derbr. 1714. Anlaß zur Kriegserklärung; noch ehe dieselbe in Benedig bekannt war, eröffneten bereits türkische Seerauber einen Piratenkrieg gegen die Handelsschiffe der Republik in der Adria. Im nächsten Frühjahr zogen die Türken unter der Führung des Großwesir zu Land und zu Wasser gegen Worea, die einzige größere Be-

figung, welche die Republik noch aus den Zeiten ihrer Herrlichkeit in den griechi2. Morea schen Gewässern gerettet hatte. Die Signorie hatte es nicht verstanden, die stanischer Colonien des Mittelmeers mit festen Banden an die Republik zu knüpsen, der griechischen Bevölkerung Liebe und Anhänglichkeit einzuslößen. Rur bedacht, die auswärtigen Besthungen zum Bortheil des Mutterlandes und der herrschenden Aristocratie auszubeuten, hatte sie überall Einrichtungen geschaffen, welche den Eingebornen fremdartig, drückend oder verhaßt waren und ihnen stets das Gefühl vor die Seele führten, daß sie ein unterworfenes, nicht als ebenbürtig und

gleichberechtigt angesehenes Bolt seien. Benetianische Beamten, Richter, Polizeimänner leiteten und überwachten das öffentliche Leben nach dem Borbilde und nach den Borschriften und Gesehen des Mutterlandes; ein Generalcapuan stand an der Spipe des Militärwesens; Mauthbeamte, Böllner und Schaarwächm

griffen in das burgerliche und gewerbliche Leben ein und bemmten jeden Aufichwung bes einheimischen Industrie- und Sandelswefens; romifch-tatholische Bifcofe und Geistliche, die in ben Stabten und Gemeinden eingesett murben. verletten durch Belotismus und Betehrungseifer die Unbanger ber griechischorthodogen Rirche, die mit fo großer Bietat und religiöfer Berehrung bem Batriarchen von Konstantinopel ergeben waren. Die einheimische Milis war unzuverläffig und ohne Uebung, die Rlephtenbanden der Mainoten im Guben maren ju jedem Dienst bereit, der ihnen Bortheil, Sold und Beute versprach. So ließ fich denn voraussehen, daß das berühmte Gebirgstand im Süden des forinthischen Isthmus und Meerbusens, bas fo oft von den ehernen Fußtritten feindlicher Ariegevöller gertreten worden, in Rurgem ber turtifchen Berrichaft verfallen wurde, unter welche Bellas, Theffalien und die gesammte insularische Griechenwelt icon langft gerathen war. Bedrobte boch fogar ber Patriarch in Konftantinopel alle Rechtglaubigen, welche gur Bertheidigung ber romifch-tatholifchen Benetianer bie Baffen ergreifen wurden, mit ber Ercommunication. Die Festungen befanden fich in mangelhaftem Buftand und waren ungenügend armirt, die Miethfoldaten, welche die Hauptplate beschützen follten, beliefen fich auf 7000 Mann. So traf benn balb eine Schredensbotichaft um die andere in Benedig ein. Die feste Insel 3. Siegeszus Tine murbe von dem Proveditore Balbi fo fchnell übergeben, daß ihn die Signorie Juni 1716. bor ein Rriegsgericht fiellte, bas ihn ju lebenslänglicher Gefangenfchaft verurtheilte. Megina unterwarf fich, als die türkische Flotte vor der Infel erschien, und bas fefte Rorinth. ber Stuppuntt ber venetianischen Berrichaft murbe gur ichimpflichen Capitulation gezwungen. Die abziehende Mannichaft wurde von den Sanitscharen, welche die Pulveregplosion in einem Magazin einer absichtlichen Brandfiftung aufdrieben, fast ganglich niedergemacht, der Broveditore Minotto in Stlavenketten fortgeführt. Beit und breit fab man Flammen gen himmel emporlobern, durch welche die verlaffenen Dörfer und die Getreidefelder in Afche gelegt wurden. Die geangstigten Einwohner bargen fich in ben Balbern. 3m Juli jog der Großweste mit einer Rriegsmacht von 100,000 Mann über Argos 3uli 1716. bor die Hauptstadt Napoli di Romania. Die ftarte Besatzung und der muthige Befehlshaber Aleffandro Bono leifteten ben tapferften Biberftand. Aber bie morichen Mauern wurden bald niedergeworfen; bie gange Mannichaft, unter ihnen viele Robili und ber größte Theil der Bewohner, fiel unter den Gabeln ber ergrimmten Janiticharen. Much ber Erzbischof mar unter ben Erschlagenen. Brauen und Rinder murben auf den Sclavenmartt geschleppt. Bono tam ichwer verwundet in die Gewalt der Janjtscharen und mußte in Retten den Ginzug bes Großwefers in die ausgemordete Stadt verherrlichen. Alle Gefangenen wurden niedergemacht, eine unermegliche Beute weggeführt. Dem Falle der Sauptstadt folgten bie übrigen festen Orte, jum Theil von den meuternden Besapungetruppen dem berangiebenden Feinde ohne Schwertstreich übergeben. Go Modon, das Caftell von Morea, Malvafia. Der Befehlshaber diefer letten Seeburg, an

beren Romen fich fo rubureiche Erinnerungen Innuften, blibte für feine Beigbeit mit emiger Gefangenschaft in finfterem Rerter. Bor Ende bes Sommers war die gange Salbinsel in ber Gewalt ber Türken. 3m Berbft wurden bann von ber turtifden Ristte auch die letten Restungen Suda und Spinalouga, welche die Republit noch auf Canbia beleffen, nach tapferm Widerftand zur Capitulation gezivungen. Auf Sta. Maura zerftorten die Benetianer felbft die Beftungswerte, Die fie nicht zu vertheibigen vermochten, und retteten Geschut und Mannschaft nach Corfu. Rur in Dahnatien hielt der helbenmuthige Proveditore Balbi die

2. Deter. Rriegsehre aufrecht. 3m December feierte ber Großweffr an ber Geite bes Babifchah feinen Siegeseinzug in Abrianopel, die Bruft gefchwellt von ftolgen Entwürfen. Gogen ben venetionischen Ramen wurde mit unmenfalicher Barte gewutbet: viele ber angesehenften Robill murben in bunteln Krefern gehalten ober auf ben Sclavenmartt gebracht, ber Berfauf venetianifder Baaren im aangen Reich verboten.

Gollten beun aber bie europaischen Rachte, follte vor Allem ber Ratferhof Defterreich erneuert ben Ariegebund in Bien ruhig geschehen lassen, daß die Osmanen wieder die alten Groberungsmit Benedig. friege erneuerten ? Es war fein Gehelmniß, daß man im Divan wieder an einen

Acldaug nach ber Donau bachte, daß man endlich doch noch ben Balbinond in Wien und Rom aufgupffangen hoffte. Benedig war bor gwangig Jahren in treuer Baffenbenderichaft ben Defterreichern gur Geite geftanden und jest follte man bie Republit hufftos fich verbluten laffen? Im nachften Frubjahr burfte man mit Sicherheit eine tilrtifche Rlotte vor Corfu erwarten : wenn biefe Infel das nämliche Schickfal erfuhr wie Morea, wer binberte bann ben furchtbaren Beinb, Reapel und Sieilien zu bedrohen, bas Raiferreich felbft in feinen emliegenen Brevingen augufallen? Diefe Groagungen, benon Bring Gugen, Braftbent bes Goftriogerathe burch feine Autorität Rachbruck verlieb, bewirkten bei ber taeferlichen Regierung einen Umfchlag; ber venetianische Gefandte, ber ben gangen Binter über vergebens um bulfe nachgefucht, fant ein geneigteres Bebor. Dan erinnerte fich wieder ber fruberen Baffenbruberschaft; und ba feit bem Tobe Budwigs XIV. feine Gefahr von Beften ju broben ichien, fo wurde ber alte

Bund zu Schut und Trut auf erweiterter Grundlage ernenert. Defterreich ver-April 1716. fprach, ben Türken Rrieg au erklaren, weil fie ben Frieden von Carlowia gebrochen, Die Gianorie verpflichtete fich ju einer Bunbesbulfe ju Baffer und ju Land für ben Fall, daß die italienischen Staaten bes Raifers von Spanien ober einer andern Macht bebrobt wurden. Gine icarfe Rote, worin Die Pforte aufgefordert ward, bon allen ferneren Zeindseligkeiten gegen Benedig abzufteben, Die Eroberungen bom borigen Sahr berauszugeben und ber Republit Schabenerfat ju leiften, war die Ginleitung zu einem gelbzug an ber Donau. Bie rafc anberten fich iest bie Dinge, als Bring Eugen mit bem ihm eigenen Bener ben Eurtenfrieg in Angriff nahm und als taiferlicher Oberbefehlshaber fein geniales Gelbhertntalent von Reuem leuchten ließ! Schon im Dai war ber Großwefir felbft mit

vorruden fies und jugleich ben Benetianern im Archivel und in Dalmatien fo Randhafte Gegenwehr leiftete, daß weber die Flotte unter Bifani noch Schulen. burg namhafte Erfolge zu erringen vermochten. Das war um diefelbe Beit, als ber Minister Alberoni die erwähnten Unternehmungen gegen Sarbinien und Sicilien machte und unter gleißnerifcher Daste bas ehemals spanifche Italien wieder zu erwerben trachtete. Dan ftimmte baber in Bien die Friedensbedingungen berab, um die Sand frei ju befommen. Doch follte die Pacification nur in Gemeinschaft mit Benedig borgenommen und der gegenwärtige Befitftanb als Grundlage ber neuen Uebereinfunft festgehalten werben. Und fo geschah es aud. Rach langen Unterhandlungen zwischen Bring Eugen, bem venetianischen Diplomaten Ruggini, bem Grofweste Ibrahin und ben Gefandten ber bermittelnden Machte murbe in Paffarowicz ein neuer Friede auf vierundzwanzig 21. 3uli Sahre gefchloffen, in Folge beffen Defterreich bie Festungen Temesvar und Belgrad mit einigen umliegenden Bebietstheilen behielt, Die Turfei im Befite von Morea verblieb, ber Marcusrepublit Corfu und Sta. Maura fowie bie eroberten Blate in Albanien und Dalmatien belaffen und die fleine Infel Cerigo gurud. gegeben wurde. Doch mußte man ber Pforte einen fcmalen Lanbftrich einraumen, bamit bie Turten auf eigenem Gebiete einen freien Bugang nach Ragusa und an bas abriatische Meer befamen.

Bon nun an waren Riffa, Bibbin, Ritopoli und Sophia bie Grenzfeftungen bes Osmanischen Reichs gegen die Donau, mahrend Belgrad und Orsowa mit ftarten Beftungswerten verfeben als uneinnehmbare Dochwachten bes erweiterten Raiferreichs gelten konnten. Die Turtei borte jest auf ein Gegenstand ber Furcht und ber Beunrubigung für bas driftliche Guropa ju fein. Ratoegy und feine Gefährten murben preisgegeben, doch fanden fie ein Afpl auf turtifdem Sebiet. Der fiebenburgifche gurft nahm feinen Aufenthalt in Robofto am Marmarameer, wo er feine letten Lebensjahre verbrachte, bon einem fparlichen Jahrgeld ber Pforte lebend und mit Eifer ben religiöfen Dingen fich widmend. Dort ftarb er im 3. 1735. Seine Gemahlin war foon vor ihm in Baris aus der Belt gegangen. Graf Schulenburg blieb bis ju feinem Lod im Dienfte der Republit Benedig und trug Sorge, daß ber einft fo machtige Sanbeleftaat nicht gang von ber Bobe feines weltgeschichtlichen Ginfluffes berabfant, bas bie geftungen und die Rriegsmacht in gutem Stand gehalten murden.

### 5. Das Osmanische Reich unter Achmed III. und Mahmud L.

In bem Rrieg gegen Desterreich trat es beutlich ju Tage, bag bas türkische Die Turfei Beerwefen der wefteuropaischen Rriegetunft nicht mehr gewachsen fei. Dennoch hielt man in Ronftantinopel an bem alten Spftem fest und trug bem neuen militarifden Geifte teine Rechnung. Die Sanitscharen maren eine Golbatentafte, bie in Friedenszeiten ihren burgerlichen Gewerben nachging und nur burftig bie militarische Disciplin und Baffenubung aufrecht hielt; war Rrieg ju führen, fo zogen fie mismuthig ins Weld, ba die Berlufte in ihren Einnahmen burch ben Gold nur fparlich ausgeglichen murben, und machten bann burch

vollständigen Sieg des kaiserlichen Feldmarschalls endigte. Mit unwiderstehlichem Ungestüm hatte die schwere Reiterei unter General Palfy die Reihen der Janitscharen durchbrochen. Das Lager mit unermeßlichen Borrathen und Geschütz wurde erbeutet; der Großwesir selbst tödtlich verwundet vom Wassenfeld nach Carlowiz getragen, wo er verschied. Der Sieg von Peterwardein war ein neuer Zweig in dem Lorbeertranze des großen Feldherrn; einen zweiten fügte er dem

Bweig in dem Lorbeertranze des großen Feldherrn; einen zweiten fügte er demfelben durch die Einnahme von Temesvar hinzu, der lesten Festung, welche die 13. Oft. Türken noch in Ungarn besaßen. Im October wurde die tapfer vertheidigte Stadt nach hartem Belagerungstampf vertragsweise den Oesterreichern übergeben, nachdem sie 165 Jahre lang ein Bollwert der türkischen Herrschaft auf der Rordsseite der Donau gewesen. Bis in die Walachei und Moldau unternahmen die Raiserlichen Streifzüge, Bukarest und Jassy sahen deutsche Reiterschaaren in ihren Mauern, dis die Tataren und Türken aus Belgrad herbeizogen und die verwegenen Fremdlinge zurückrieben. Rakoezh vermochte mit den zusammengelausenen Geerhausen, die sich unter seiner Fahne gesammelt, nichts Ramhastes

auszurichten.
Die Schlacht Bahrend des Winters versuchten die Seemächte England und Holland bei Belgrad.

1717. einen Frieden zu vermitteln. Da aber der Divan dem Besit von Temesdar nicht entsagen, das Wiener Cabinet das gewonnene Rleinod nicht wieder fahren lassen wollte, so begann den Krieg im nächsten Frühjahr aufs Reue. Und so sehr hatte das Vertrauen auf Eugens Glück und Seschiek den Kriegsmuth in der ganzen Christenheit belebt, daß die deutschen Reichsfürsten, daß französische Edelleut mit Begeisterung sich unter Desterreichs Fahnen stellten. Wie lange war Ungam als "ein Friedhof der Deutschen" ein Gegenstand der Furcht und des Schreckens gewesen; seht sah man wie in vergangenen Beiten Freiwillige aus allen Gauen des deutschen Landes nach der Donau ziehen. Der Türkenkrieg wurde unter Eugens Panier zu einem deutschen Krieg; er erhielt ein nationales und religiöset Gepräge. Die Hossinungen sollten nicht getäuscht werden. Der neue Großwesten Schalil-Bascha war mit einem Kriegsbeer, dessen, desse das mehr als 150,000

Mann berechnet ward, von Abrianopel nach der Donau aufgebrochen und hatte vor Belgrad sein Lager aufgeschlagen. Dort lieserte ihm Prinz Eugen jene 1717. Schlacht von Belgrad, welche seitbem im Bolksmunde mit seinem Ramen unmittelbar verknüpft blieb. Es war sein glänzendster Sieg, der nicht nur eine unermeßliche Kriegsbeute und 57 türkische Fahnen, sondern auch die vielumsstrittene Donaufestung selbst in die Hände der Kaiserlichen brachte. Der Großweste führte den Rest seiner Truppen nach Nissa; die assatischen Geerhausen zogen aber eigenmächtig in die Heimath zurück. Selbst der Sultan vermochte sie nicht zurückzuhalten. Chalilpascha wurde in Ungnade seines Amtes entsetz.

Run fanden die Friedensvermittlungen im Divan mehr Gehör. Allein die Baffarowieg.

1718. Forderungen Desterreichs waren so weitgehend, daß die Pforte von solchen Bedingungen nichts hören wollte, neue Heere in die Gegend von Rissa und Widdin

nach welchem die gange Oftlifte bis jum Ginfluß des Aus in ben Arages ju Mufland, ber weftliche Theil von Tebris bis Eriwan und Liflis jum Osmanenreich gehören und die Mitte nut der Suden dem Berferichah Lahmafp verbleiben folite. Diefer Theiimgsvertrag, den die Pforte nothgebrungen abgefchloffen, damit nicht das Ganze den Auffen als Beute gufalte, brachte neue Rriegsfturme über bas erschöpfte Osmanenreich. In Bopahan fturzte der gewaltthatige Cfor eff feinen Berwandten Dir Rahmud von dem herricherfit, lief ihn und alle feine Unbanger wiedermachen und bemachtigte fich feibft bes Reiches, bas er wieder in feiner früheren Ausbehnung herzustellen befchlos. Er verlangte von dem Sultan die Rüderstattung der Landschaften und Städte und als blefe verweigert warb, rudte er int gelb. Die türtifchen Solbaten tampften ungern gegen die funnitischen Glaubensverwandten, welche die schittische Gerrschaft in Berfien zu Sall gebracht; es gelang baber bem tapfern verschlagenen Efchreff bem Osmanenbeer bei Hamaban eine Riederlage belgubringen. Run sab sich die Pforte genöthigt, Cschreff 20. Nov. als Beherrfeber von Bersten unter der Oberhoheit des Sultan anzuerkennen. Auch Ott. 1727. wurde mit Aufland der lange verfchieppte Abgrengungsvertrag gum Abichluß geführt. 1727. Bon Lahmafp, ber fich in Mazenderan, bem gebirgigen Ruftenlande im Guben bes Infpifden Meeres aufhielt, war teine Rede mehr. Labmafp gab jedoch die hoffnung Sturg bes nicht auf, wieder in den Befig bes vaterlichen Thromes ju gelangen. Er nahm den Eichreff. Rabirtouli, einen fühnen unternehmenden Bandenführer, der bon einem tatarifden hirten fich jum gefürchteten heerführer aufgeschwungen und mit den Afghanen icon manchen Strauf bestanden hatte, in feine Dieufte und übertrug ihm den Rampf gegen Cfdreff. Bon ber Beit an führte Rabir ben Ramen Sahmas Roulican. Chareff fab fic bald aus bem Freudenleben, dem er fich in Mpahan bingegeben, aufgefdredt. Das boer, bas er gegen ben Schah und feinen gelbherrn ausschiedte, murbe in drei Schlachten liberwunden; er felbft fand, als er mit den gufammengerafften 1790. Schatzen nach Schiras entfloh, burch eine Latarenhorbe feinen Lob. Gegen Enbe bes Jahres bielt Schah Lahmafp an der Geite feines fleggefrönten Reldherrn feinen Ginaug in Ipahan und begann fofort den Krieg gegen die Osmanen, die Ranber feiner Staaten.

In Lonftantinopel mußte man fich auf einen heftigen, durch die religiöfen Gegen- Revolution fase gefcarften Rampf gefast machen und große Ruftungen bornehmen. Bu bem wechfel in Swed wurde eine neue Accife eingeführt, die besonders schwer auf den Rleinhandel einopel. brudte. Darüber erhob fich in Lonftantinopel ein Aufruhr, welcher burch die Theilnahme ber in ihrem Gintommen geschädigten Jauitscharen in Rurgem eine brobenbe Sept. 1780. Gestatt gewann. Un ber Spipe ber Insurgenten ftanb ber albanefiche Rieibertrobler Battona Chalil, ein Obithandler Musluh und Emir Bali, ein unruhiger Mann, ber Raffee auf ben Strafen febentte. Unfangs war ber Aufftand nur gegen ben Großwefir und einige andere Glieder der Regierung gerichtet; ba aber ber unfraftige, meiftens mit den Frauen verlehrende Gultan Admed ben brobenden Sturm nicht zu beschwören vermochte, fo wurde bald ber Ruf nach einem Thronwechfel laut. Und nun trat wieder eine jener Balaftrevolutionen ein, wie fie in ber Geschichte bes Osmanischen Reiches fo oft zur Erfcheinung tamen. Admed murbe zur Abbantung gezwungen und in biefelben Rerterraume des Serail eingefchloffen, aus denen fein Reffe Rahmud, Ruftafa's Sohn Mahmub 1730-56, auf den Thron geführt ward, eine Aendexung, die auf die Lage des Reichs wenig Ginfluß übte. Der neue Gultan war gang in ber Gewalt bes Infurgentenführers Batrona; er willigte in die Abschaffung der neuen Steuer und holte seinen Rath bei allen Regierungshandlungen ein. Die bodiften Memter ichienen bem ehemaligen Rleiberbandler und feinen Genoffen als Breis der gelungenen Strafenrevolution gufallen ju follen. So weit follte es jedoch nicht tommen. Gines Tages wurden die brei Rebellenhaupter

886 G. Das achtzehnte Sahrh. in ben vier erften Sahrzehnten.

Raub, Blünderung und Graufamteit ihrem Ingrimm Luft. "Man follte einem fo elenben Reich, wie es ichon bamals mar, bei bem Angriff ber gebilbeteren europhischen Dachte ben Untergang ficher prophezeien tonnen; allein große Dachte tonnen viel gegen gefunden Berftand und Bolitit fundigen, bis fie fic enblich gang ju Tobe fundigen. Die Raffe und ber wilbe Enthufiasmus ber gufammengetriebenen Borbe mochten oft noch erfegen, was ber Cultur und ben Berftand fehlte, und eine Macht, bie fich burch Berwuftung bes eigenen Landes foust, ift febr fcmer ju überwinden." Bu diefem Urtheil wird Spittler burch Die Regierung Achinebe III. geführt. Die gräuelvolle Eroberung Moreas war eben fo fchmachvoll für die Pforte wie der Friede von Baffarowieg; aber noch fomachvoller war ber Ausgang bes perfifchen Rrieges, welcher burg nachher bas Domanenreich in feinen innerften Fugen erschütterte.

Die Berfers

triege tin ahnlichen Berfall gerathen wie die Serailherrichaft in Stambul, und hufain II. Claffe mar eben fo ichwach und unfahig wie fein Beitgenoffe Achmed. Da gefchah es, das die Afghanen, friegerifche Boltsftamme funnitifchen Glaubens, welche Die weiten Land. Schaften im Often mit den alten Städten Randabar, Shasna und Rabul bewohnten und unter eigenen Stammbauptern in einem abuliden Bafallenverhaltniß ju bem Shah ftanden, wie die Rofaten ju bem Bar ber Moscowiter, die Dberherrichaft ber Schittifden Berfer unter ihrem folauen und tapfern Sauptmann Mir Beis abwarfen. Dieser nahm den tyrannischen Statthalter gefangen und regierte mehrere Jahre als unabhangiger gurft in Randabar. Sein Rachfolger mar fein Sohn Mir Mahmud, ein junger Mann von großer Rraft und leidenschaftlicher Graufamteit, ber über die Leiche feines Obeims jum Fürstenthron emporftieg und nicht zufrieden mit bem G:

rungenen auf den Sturg der gangen Sfaffi-Dynastie lossteuerte. Denn bereits warm auch andere Stamme, die Rurden, die Lesgbier, die Usbetifchen Sataren im Often des

Unter ben verweichlichten Rachfolgern bes Schab Abbas mar ber Sof von Ispahan

talpischen Meeres aufgestanden und hatten sich für unabhängig erklärt; und als ob auch die Ratur an dem Bertrummerungswert mithelfen wollte, murbe die Stadt Tebris 26. Apr. in Aferbeibican burch ein Erbbeben heimgefucht, welches 100,000 Menfchen ben Untergang brachte. Eine furchtbare Schlacht etliche Deilen von Ispahan, worin Dir Mahmud Sieger blieb, entichied über das Schidfal des herricherhaufes der Sfafft.

Schah Bufain entfagte dem Thron ju Gunften feines Sohnes Lahmafp und über-

22. Die lieferte fich und die Sauptftadt bem Afghanenfürften. Um 22. Ottober bes 3. 1722 hielt Mir Mahmud feinen Einzug in Sepahan und bemächtigte fich bes Thrones, ben Die Sfaffi über zwei Jahrhunderte inne gehabt. 3m nachften Jahr ließ der Butherich ben gefangenen Bufain und alle Angehörigen bes Baufes, fo viele in feine Sewalt fielen, graufam umbringen.

Lanbert Bei-

Dies war der Anfang großer Berruttungen, Auflösungen und Theilungen für bas lung mifden Berferreich. Das Bar Beter foon bamals die Bichtigkeit der Bander am tafpifden ber Bforte, und fcwarzen Weer fur die Butunft feines Reiches ins Muge gefast, zeugt bon Schab von scinem Scharfblid, mag auch das Testament, worin er seinen Rachfolgern die Gr Berfien werbung der pontischen Territorien als Sauptziel ihrer Politik empfahl, immerbin

unecht fein. Diefer Politik war es gang entsprechend, wenn er den Thronftreit zwischen bem Auchtigen Schah Sahmafp und bem Ufurpator Mir Mahmud benutte, um von Aftragan aus die Ruftenlander Dagbiftan und Schirman mit den Stadten Derbend 24. 3nni und Baku in Befis zu nehmen und die Pforte zu einem Theilungsvertrag zu nothigen,

fluß der frangofischen Regierung bestimmt wurde, für Stanislaus Lesezinsti Bartei gu nehmen, vermehrten die Feindschaft. Schon bamals waren die Blide der Ruffen auf die Biebereroberung von Afow und die Erwerbung der Salbinfel Rrim gerichtet. Denn nur durch den Befit diefer gunftig gelegenen Plate tonnte Rugland ju einer gebictenden Stellung am fdmargen Meer gelangen. Beber Friede mit ber Pforte murde baber ftets mit bem Sintergebanten gefcoloffen, benfelben unter geeigneten Umftanben ju brechen. Alle Friedensichluffe waren nur Baffenftillftande von furgerer ober langerer Dauer.

Damale erlangte ber berüchtigte frangofische Abenteurer Graf Bonneval im Graf Bonne Divan einen gewiffen Ginfluß. Rach vielen rühmlichen Rriegethaten in ber 1747) und frangöfischen, bann in ber öfterreichischen Armee und nach merkwurdigen Glude, Befen. wechseln, bie er fich burch fein unbandiges Befen, feinen unruhigen Chrgeig, seine Rankefucht zugezogen, hatte er fich nach Ronftantinopel begeben, war zum Islam übergetreten und als Uchmed Bafca unter bie Burbentrager ber Pforte aufgenommen worden. Beweglichen Beiftes trug er fich mit allerlei Blanen und Entwürfen. Als General ber Artillerie und Befehlshaber einer Beeresabtheilung wollte er bas Rriegsmesen nach europaischer Beise umgestalten, Die Berwaltung des Reichs burch Reformen nach frangofischem Borbilde verbeffern, Die Politik ber Pforte bem Intereffe und bem Ginfluffe Frankreichs zuganglich und bienftbar machen. Aber er konnte fich bald überzeugen, wie zahe die orientalische Ratur am hertommilichen bangt. Babrend in Rugland bie Schöpfungen und Reformen Peters bes Großen allem Biberftande jum Trope fortlebten und fich weiter entwidelten, beharrte die Turkei bei ben veralteten und verlotterten Buflanden ber Bergangenheit und ging mehr und mehr ber Berödung und bem Absterben entgegen. Sein Fortbestehen und felbft zeitweise einige Erfolge berbantte bas Osmanenreich nicht ber eigenen Rraft ober Intelligenz, sondern theils' dem Katumsglauben und den passiben militärischen Tugenden der Mohammebanischen Bevölkerung, welche die Ration trot beständiger Rriege und Aufftanbe, trop einer Rette von Ungludefallen und Digregierungen jum gaben Biderftand befähigten, theils aber und bor Allem der Gifersucht der fremden Mächte unter einander.

6. Areffritannien.

So fest und ficher die Erbfolge in den britischen Reichen unter Ronig Bil. Stuartide helm geordnet worden (S. 788. 790), fo war boch der Uebergang der Krone von tioneplane. ben Stuarts auf bas hannoversche Rurhaus mit inneren Unruhen und Rampfen berbunden. Bir haben erfahren, wie angelegentlich Ronigin Unna, beren Kinder sammtlich vor ihr ins Grab gesunken waren, die Rachfolge ihrem Halbbruber Jacob III., ben Ludwig XIV. als König von England anerkannt hatte, zuzuwenden wunschte und wie fehr die Succeffionsfrage in bas Pacificationswert hineinspielte. Das Toryministerium, vorab das Haupt berselben Bolingbrote, ging gang auf die Blane und Buniche feiner Gebieterin ein: bei feinen Ariebens-

unterhandlungen mit Ludwig XIV. wurden zugleich Entwürfe besprochen, die auf Landesverrath hinausliefen; er ftand mit dem Prätendenten in Berbindung und hoffte eine zweite Restauration zu erleben; die Thronerdin Sophie, die in ihren alten Tagen gerne das Inselreich besucht hätte, wo ihre Borsahren und Berwandten gelebt und gelitten hatten, das sie selbst oder doch ihre Nachsommen bereinst beherrschen sollten, wurde eisersüchtig von London ferngehalten, auch ihr Sohn, der Kurfürst Georg Ludwig durfte nicht das Land betreten, nicht den Sis im Oberhaus einnehmen, zu dem er als Herzog von Cambridge berechtigt war.

Munas Tod Die Aurfürstin Sophie sollte die ihr bestimmte Arone nicht mehr erlangen; Beorgs I. Bernde die geistreiche seingebildete Frau starb hochbejahrt in Deutschland (Iuni 1714); wenige Bochen nachher folgte ihr Königin Anna ins Grab, ehe die torpstisch-jacobitischen Rabalen noch zur Reise gediehen waren. Wäre der Prätendent nicht ein so schwacher beschränkter Mann gewesen und hätten nicht die beiden Minister Bolingbroke und Oxford in bitterer Feindschaft mit einander gelebt, so hätte vielleicht die Ankunst des deutschen Thronerben verhindert oder verzögert werden können; denn in den beiden Inseln waren Katholiken und Legitimisten in Sahrung und Ludwig XIV, war is noch am Leben und dur Sülfeleistung bereit

Die Bhige

rung und Ludwig XIV. war ja noch am Leben und zur Hülfeleistung bereit.
29. Sept. So aber konnte Georg I. ungehindert landen und noch in demselben Jahr ge31. On. front werden.

Der neue Konig mar tein ftarter Beift und bon ben englischen Berhaltniffen

ment. Bo wenig unterrichtet; doch waren ihm die Stuartschen Untriebe und ihre Urheber lingbrote u. ber Jacobi- nicht unbekannt geblieben: er ernannte ein neues Ministerium aus der Partei tenanstkand. der Bhigs, an ihrer Spipe den praktisch klugen, nicht allzu gewissenhasten Robert Balpole, ließ die bisherigen torystischen Minister Bolingbroke, Oxford, Ormond wegen Uebereilung des Utrechter Friedens und Begünstigung des Stuartschen Prätendenten als Staatsverräther anklagen, und gab die nöthigen Anordnungen zur Einderufung eines neuen Parlaments, das am 28. März des folgenden Jahres eröffnet wurde. Dank der Thätigkeit Walpoles hatten darin die Whigs die Mehrheit, so daß Regierung und Gesetzgebung sich in den Händen

bie Whigs die Mehrheit, so daß Regierung und Gesetzebung sich in den Händen berselben Partei befanden. Bolingbroke wurde des Verraths für schuldig erkannt und seiner Güter und Würden verlustig erklärt. Er war sedoch bereits nach Frankreich entstohen, ließ sich von dem Prätendenten, der damals in Lothringen weilte, zum Minister ernennen und setze nun mit Ormond alle Gebel in Bewegung, seinem Stuartschen Gönner durch eine revolutionäre Erhebung in de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die väterliche Krone zu verschaffen. Die Auszegung, die sich bald allenthalben kund gab, bewies, daß die Thätigkeit der Emigranten und Jacobiten nicht fruchtlos war: Jacob faste den Plan, sich nach Schottland einzuschissen und an die Spize der Kriegsschaar zu treten, die Graf Mar gesammelt hatte. Aber der Lod Ludwigs XIV. wirkte lähmend auf die Unternehmung, während der hannoverische König an dem Gerzog-Regenten einen Berbündeten

erbielt. Der in firengliechlichen Unschanungen fich bewegende, von fleritalen Gin-Auffen abbangige Bratenbent batte zu bem freigeistigen Bolingbrote fein Bertrauen und burchfreuate insgebeim beffen Rathichlage und bie mit ihm getroffenen Betabrednugen, indes bas englische Ministerium mit Entschloffenheit handelte, die Sabeascorpusatie fuspendirte, Die Miligen aufbot, Die Bapiften mit Strafgefeben fchreckte. Die unfähigen Jacobitifchen Führer konnten gegen die Regierungstruppen bas Relb nicht behaupten. Die Auffrandischen wurden in Schottland bei Sherifmoor unweit Dumblaine und bei Prefton in Lancafbire aufs haupt gefchlagen. Als Jacob bei Aberbeen landete und fich jum Ronig aus. 22. Derbr rufen ließ, war feine Partei bereits gefchlagen nub Blut in Stromen gefloffen. Er eilte nach Frankreich gurnd; aber über feine Anbanger ergingen fchwere Strafgerichte. Biele alte Ramilien tamen an ben Bettelftab, weil man ihr Bermogen für bie Rrienstoften einzog. Bolingbrote verließ ben unfabigen befcrantten Stuart und machte mit ber Regierung feinen Frieden. Es fiel bem gewandten Barteiganger nicht schwer, bie Fahne zu wechseln und burch neue Dienfte ble alten Umtriebe in Bergeffenheit zu bringen. Ronig Georg und bie Bhige faben ein, bag fie ben Gegnern nur burch einträchtiges Busammengeben gewachsen waren: beibe hielten baber feft zu einander, ein Bund, welcher bem Musban ber enaftiden Berfaffung jum Bortheil gereichte. Denn Georg befaß nicht die Eigenschaften, die ihm die Bergen und Sympathien bes englischen Boltes batten gewinnen konnen: er war wenig begabt fo bak er nur nothbürftig bie englische Sprache lernte, und feine Lebensweise gab manchen Anftob.

Roch als Rurpring hatte Georg Ludwig eine Che geschloffen mit Sophia Doros thea, ber Tochter bes Bergogs Bilbelm bon Braunfdweig-Luneburg und ber iconen Cleonore d'Olbreuse einer frangofischen Cbeldame, eine Berbindung, welche die Bereinigung ber Luneburg-Celleichen Lande mit hannover jur Folge hatte. Die Che nahm jedoch einen ungludlichen Berlauf. Rachbem Sophia Dorothea ihrem Gemabl einen Sohn und eine Lochter geboren, die ben Ramen ber Eltern führten und in ber Folge in London und in Berlin eine Ronigstrone tragen follten, ließ fie fich, bem Beispiele ibres Cheberen folgend, in ein Liebesverhaltniß mit bem Grafen bon Roniasmart ein. ben fie foon als Rind am Sofe ihres Baters gefannt hatte. Der Ausgang mar tragifc genug. Durch ben Reib und bie Giferfucht einer hochgestellten Dame, ber Grafin Blaten erhielt ber turfürfiliche Gowiegerbater Runde bon bem Berbaltnis und lies Ronigsmart, als er eines Abends aus den Bimmern der Kronpringeffin in Bolfenbattel trat, burch vier Trabanten ermorden (2. Juli 1694). Rach einigen vergeblichen Bermittelungsverfuden amifden beiden Bofen murde auf Antrag Sophia's die Che gefdieden, worauf fie bis ju ihrem Tode auf Schlof Abiben unter Aufficht gestellt marb. Dort verlebte die Stammmutter ber tonigliden haufer hannober und Breugen noch über breißig Jahre als Bergogin bon Ablden von der Belt geschieden. Auf ihren Gemabl batte bas bausliche Unglud wenig Cinbrud gemacht. Als er in England anlangte, führte er, sbwohl fcon vierundfünfzig Jahre gablend, zwei Damen von Rang, Die Baronin bon Rielmannsegge und Melufine bon Cberftein, in fein neues Ronigreich, lebte mit ihnen in ehelicher Semeinschaft und ließ fie als Grafin Darlington und Ber-

unterhandlungen mit Ludwig XIV. wurden zugleich Entwürfe beiprochen, Die auf Lanbesverrath hinausliefen; er flond mit bem Pratendemen in Berbinbung und hoffte eine zweite Restauration zu erleben; bie Thronerbin Sophie, die in ihren alten Tagen gerne bas Infelreich befucht hatte, wo ihre Borfahren und Berwandten gelebt und gelitten hatten, bas fie felbst ober boch ihre Rachsommen bereinst beherrichen follten, wurde eifersuchtig von Bondon ferngehalten, auch ihr Sohn, ber Rurfürft Georg Ludwig durfte nicht bas Land betreten, nicht ben Sig im Oberhaus einnehmen, ju bem er als Bergog von Cambridge berech. tigt war.

Annas Tob Beorge I.

Die Rurfürstin Cophie follte die ihr bestimmte Rrone nicht mehr erlangen : Abronde Die geistreiche feingebildete Frau ftarb hochbejahrt in Deutschland (Juni 1714); wenige Bochen nachber folgte ihr Konigin Anna ine Grab, ehe die torpftifch-jacobitischen Rabalen noch zur Reife gedieben waren. Bare ber Bratendent nicht ein fo ichmacher beschränkter Mann gewesen und batten nicht bie beiben Minister Bolingbrote und Oxford in bitterer Feinbichaft mit einander gelebt, fo batte vielleicht die Ankunft bes beutschen Thronerben verhindert oder verzögert werden tonnen; benn in ben beiben Inseln maren Ratholiten und Legitimiften in Babrung und Ludwig XIV. war ja noch am Leben und gur Gulfeleiftung bereit.

29. Sopt. So aber konnte Georg I. ungehindert landen und noch in demfelben Sahr ge-31. Dit. front werben.

Der neue Ronig mar fein ftarter Beift und bon ben englischen Berhaltniffen ment. Bo- wenig unterrichtet; doch waren ihm die Stuartichen Umtriebe und ihre Urheber ber Sacobis nicht unbekannt geblieben : er ernannte ein neues Ministerium aus ber Bartei

tenaufftant. ber Bhigs, an ihrer Spipe ben praktisch klugen, nicht allzu gewiffenhaften Robert Balpole, ließ bie bisherigen torpftischen Minister Bolingbrote, Orford, Ormond megen Uebereilung bes Utrechter Friedens und Begunftigung bes Stuartichen Bratenbenten als Staatsverrather anklagen, und gab die nothigen Anordnungen zur Ginberufung eines neuen Parlaments, bas am 28. Marg bes folgenden Sahres eröffnet murbe. Dant der Thatigleit Balpoles hatten barin bie Bhige die Mehrheit, fo bag Regierung und Gefeggebung fich in ben Banden berfelben Bartei befanden. Bolingbrote wurde bes Berrathe für ichuldig ertannt und feiner Guter und Burben verluftig ertlart. Er war jedoch bereits nach Frankreich entflohen, ließ fich von dem Pratendenten, ber damals in Lothringen weilte, jum Minifter ernennen und feste nun mit Ormond alle Bebel in Bewegung, feinem Stuartichen Gonner burch eine revolutionare Erhebung in be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die baterliche Krone ju verschaffen. Die Aufregung, Die fich balb allenthalben tund gab, bewies, bag die Thatigteit ber Emigranten und Jacobiten nicht fruchtlos war: Jacob faßte ben Plan, fich nach Schottland einauschiffen und an die Spite ber Rriegsichaar zu treten, die Graf Dar gesammelt hatte. Aber der Tod Ludwigs XIV. wirkte lähmend auf die Unternehmung, wabrend ber bannoverische Ronia an bem Bergog-Regenten einen Berbimbeten

erhielt. Der in firengtirchlichen Unschauungen fich bewegenbe, von fleritalen Gin-Auffen abhangige Pratenbent batte au bem freigeiftigen Bolingbrote fein Bertrauen und durchtreuzte insgeheim beffen Rathichlage und die mit ihm getroffenen Berabredungen, indes bas englische Ministerium mit Entschloffenheit handelte, die Dabeascorpusatie fufpenbirte, bie Miligen aufbot, bie Bapiften mit Strafgefeben foredte. Die unfähigen Sacobitischen Rührer tounten gegen die Regierungstruppen bas Relb nicht behaupten. Die Aufftandischen wurden in Schottland bei Sherifmoor unweit Dumblaine und bei Brefton in Lancafbire aufs haupt gefchlagen. Als Jacob bei Aberbeen landete und fich jum Ronig aus. 22. Decbr rufen lieb, mar feine Partei bereits gefchlagen und Blut in Stromen gefloffen. Er eilte nach Frantreich gurud; aber über feine Anhanger ergingen fcmere Strafgerichte. Biele alte Ramilien tamen an ben Bettelftab, weil man ihr Bermogen für bie Rriegetoften einzog. Bolingbrote verließ ben unfabigen befdrantten Stuart und machte mit der Regierung feinen Frieden. Es fiel bem gewandten Parteiganger nicht schwer, die Fahne zu wechseln und burch neue Dienfte ble alten Umtriebe in Bergeffenheit zu bringen. Ronig Georg und bie Bhigs faben ein, daß fie ben Gegnern nur burch einträchtiges Busammengeben gewachsen toaren: beibe hielten baber fest zu einander, ein Bund, welcher bem Ausban ber englischen Berfaffung jum Bortheil gereichte. Denn Georg befaß nicht bie Eigenschaften, die ihm bie Bergen und Sympathien bes englischen Boltes batten gewinnen tonnen: er war wenig begabt fo bag er nur nothbürftig bie englische Sprache lernte, und feine Lebensweise and manchen Anftok.

Roch als Rurpring hatte Georg Ludwig eine Che geschloffen mit Sophia Dorothea, ber Tochter bes Bergogs Bilbelm bon Braunschweig-Luneburg und ber iconen Cleonore d'Olbreuse einer frangofischen Cbelbame, eine Berbindung, welche die Bereinigung der Luneburg-Cellefchen Lande mit Sannover jur Folge hatte. Die Che nahm jeboch einen ungludlichen Berlauf. Rachbem Cophia Dorothen ihrem Gemabl einen Sohn und eine Lochter geboren, die den Ramen der Eltern führten und in der Folge in London und in Berlin eine Ronigstrone tragen follten, ließ fie fic, bem Beispiele ihres Cheherrn folgend, in ein Liebesverhaltniß mit bem Grafen von Ronigsmart ein, ben fie fcon als Rind am Sofe ihres Baters gefannt hatte. Der Ausgang mar tragifc genug. Durch ben Reib und die Ciferfucht einer hochgestellten Dame, ber Grafin Blaten erhielt ber turfürfiliche Schwiegerbater Runde bon bem Berbaltnis und lies Roniasmart, als er eines Abends aus ben Bimmern ber Kronpringeffin in Bolfenbattel trat, burch vier Trabanten ermorden (2. Juli 1694). Rad einigen vergeblichen Bermittelungsversuchen zwifchen beiden Bofen murbe auf Antrag Sophia's die Che geschieden, worauf fie bis ju ihrem Tobe auf Schloß Abiben unter Aufficht gestellt marb. Dort verlebte die Stammmutter ber toniglichen Baufer Sannover und Breugen noch über dreißig Jahre als Bergogin von Abiden von der Belt gefchieben. Auf ihren Gemahl batte bas bausliche Unglud wenig Cindrud gemacht. Als er in England anlangte, führte er, obwohl fcon vierundfunfzig Jahre gablend, zwei Damen von Rang, Die Baronin bon Rielmannsegge und Melufine bon Cherftein, in fein neues Ronigreich, lebte mit ihnen in ehelicher Semeinschaft und ließ fie als Grafin Darlington und Ber-

zogin von Kendal unter die englische Aristokratie aufnehmen. Dabei lebte der König in fortwährendem Hader mit dem Thronfolger gleichen Ramens, der die Behandlung Die Res seiner Mutter misbilligte.

gierung Geotge I. 1714—1727.

Unter folden Berhaltniffen tonnte Ronig Georg I. nur baburch eine bauernbe und gesicherte Regierung schaffen, daß er sich ganz ber Ration in bie Arme warf, die Interessen bes Landes und der Krone in die engste Berbinbung feste. Er ließ dem parlamentarischen Staatsleben freien Lauf, wodurch bie Inftitutionen und bas gange Berfaffungswefen bes vereinigten Inselreiches folche Reftigkeit erlangten, bag bie perfonlichen Gigenschaften ber Berricher wenig Ginfluß auf die Bolitit und den Sang der öffentlichen Dinge übten. Die Ronige wurden immer mehr abbangig bon der Macht ber öffentlichen Reinung und der nationalen Intereffen, erschienen immer mehr als bloge Burbetrager eines von inneren Rraften bewegten und im Gange erhaltenen Gemeinwesens. Um mehr 1716. Beständigkeit und Sicherheit in die Staatsgeschäfte und gesetzerischen Arbeiten au bringen, wurde im nachsten Jahr burch ein Gefet die Daner ber Barlamente von drei Jahren auf fieben verlangert und angleich eine Mehrung ber Landarmee beschloffen. Bas man den Stuarts und dem Oranier so hartnädig verweigert batte. wurde jest ohne Bedenken einem Ronig augestanden, von dem keine Gefahr für die innere Freiheit zu befürchten war. Durch biefes Busammenwirten ber nationalen Rrafte und der monarchischen Gewalt mar Georg I. in Stand gefest, auf die auswärtigen Dinge burch Allianzen und friegerische Actionen einen wefentlichen Ginfluß zu üben und zugleich bie revolutionaren Bewegungen im Innern, die bei jeder Gelegenheit von Reuem hervorbrachen, mit Erfolg niederauschlagen. Um fich mehr mit ben festlandischen Angelegenheiten beschäftigen gu können, bewog er das Barlament die Beschränkung, daß der Ronig nur mit Erlaubniß ber Lords und Bemeinen bas Ronigreich verlaffen burfe, aus ber Berfassung zu ftreichen. Dem Busammengeben ber Krone und bes Parlaments mar es zu banten, bag bas politische Rankespiel Alberonis vereitelt marb, bag Die zweite Landung des Bratendenten in Schottland und die conspiratorischen Umtriebe bes Grafen Gorg mit ben englischen Malcontenten gurudgewiesen werben konnten und bag Georg in die Lage kam, burch feine Ginmischung in die nordischen Rriegsverwickelungen die Fürstenthumer Bremen und Berben mit Sannover zu vereinigen. Es zeugt von dem praktischen Berftand und der inneren Rraft ber englischen Ration, daß fie in den Tagen schwindelhafter Gelbspeculationen eine Befahr überwand, die Großbritannien mit einem ahnlichen finangiellen Ruin bedrobte, wie die Lawschen Unternehmungen in Frankreich. gefährliche Plan bes Directors ber Subfee-Compagnie, Sir John Blunt, welcher alle Staatsschulden für die Gefellschaft erwarb und dann ein eben fo gefahrvolles Spiel mit Aftien und Banknoten anfing wie Law in Paris, wurde noch recht zeitig ohne erheblichen Schaben vereitelt und endigte mit ber Flucht bes verwegenen Projettenmachers.

Benn dem König im Anfang seiner Regierung das enge Bündniß mit dem Anfand im Regenten von Orleans Bortheil brachte und die Whiggistische Regierung in Frankreich. Stand setze, allen Complotten und conspiratorischen Umtrieben, die in Frankreich. Stand setze, allen Complotten und conspiratorischen Umtrieben, die in Frankreich. Stand setze hatten, rechtzeitig zu begegnen und zu gerichtlicher Berfolgung der Jacobiten und torpstischen Ultras zu benutzen; so war in den letzen Jahren die Friedensliebe Fleurys förderlich, das Ansehen Englands auf dem Continent sester zu begründen, der Ration einen größeren Einsluß auf die politischen Angelegenheiten Europa's zu verschaffen. Ueber den Bemühungen, die spanischen öherreichischen Disserenzen auszugleichen, ging Georg I. aus der Welt; aber die Borbereitungen waren mit so sicherer Hand getrossen, daß der Sohn und Rachsfolger Georg II. den bereits verabredeten Congreß von Soissons zum Abschluß Georg II. sindere Baltole, der mit Ausnahme einer kurzen Unterbrechung seit der hannoverschen Succession an der Spise des Ministeriums gestauden hatte, in dieser leitenden Stellung beließ.

### 7. Die Riederlande.

Bahrend England unter ben hannoverichen Ronigen zu einer Großmacht Die fatte erften Range emporftieg, unter bem Schirm feiner freien Berfaffung feine Rrafte Beit. bem Sanbel, ber Induftrie, bem See- und Coloniatmefen zuwandte und balb alle europäischen Staaten an Boblitand und Burgerglud überragte; ftieg ber niederlandische Freistaat bon feiner früheren bobe berab. Im fpanischen Erbfolgefrieg leuchtete bas lette Abendroth historischer Große über den Bafferlanden an der Maas und Schelbe. Beinfius mar fein unmurbiger Nachfolger Jan de Bitts; wie damals fand auch nach Bilhelms III. Tob fein Statthalter an ber Spite ber Beere und ber Bermaltung; benn wir wiffen, daß fein nachfter Bermandter Johann Bilbelm Frifo, Sohn bes verftorbenen Beinrich Casimir Statthalters von Friesland und Gröningen, den Bilbelm an Rindesftatt angenommen und zu feinem Rachfolger empfohlen hatte, von den Generalftaaten, benen die Erblichkeit ber Burbe widerwartig war, angeblich wegen ju großer Jugend, von der hoben Stelle entfernt gehalten ward. Aber Frifo mandte barum ber Republit boch nicht ben Ruden, vielmehr hat er im Beifte feiner Uhnen als Rriegsbeld fich bervorgethan; er bat an der Seite des Keldmarschalls Duvertert. eines Abkönnulings des Draniers Moria und eines Fraulein von Mecheln, des trefflichen Coeboorn, bes General Fagel, Reffen bes Rathspenfionars und auberer Führer in ben Schlachten mitgefampft, welche Marlborough in ben Rieberlanden den frangofisch-spanischen Heeren lieferte; er bat, nachdem Duverkert bald nach dem Siege bei Dudenarde aus dem Leben geschieden, die erste Stelle im bollandischen Beere eingenommen und in ber blutigen Schlacht bei Malplaquet unter ben Augen bes ruhmgefronten Lord fich durch Tapferteit und Belben-

muth bor allen berborgethan. Aber es war ihm nicht beschleben, bie Frud feiner Anftrengungen gu ernten. Roch ebe ber Friebenscongreß, ber in ber ui berlandischen Univerfitatestadt Utrecht abgehalten warb, fein Bert wollende Juli 1711. tonnte, ertrant ber Dranier am Moerbot, als ein Sturm bas Fabrzeng umwar

ein hoffnungsvoller Fürft, berberragend burch Reuntniffe und Bilberng m 1. Copt. burch Capferfeit und Rriegstunft. Erft nach feinem Lob gebar feine jung Bittive ben nachherigen Statthalter ber Rieberlande, Bilbelm Rarl Beinri Friso.

Die öffente

Diefe fratthalterlose Beit war trop der ruhmvollen und ehrenhaften Baltin Ranbe im Krieg und in ber auswärtigen Politit teine Periode gludlicher innerer 31 stände. Bie ehebem standen die Arikocratie und die Bokkvartei einander feinl selig gegenüber und erregten burgerliche Unruhen, indem eine ber andern be Regiment ftreitig machte ober bie Berfaffung ber Sanbichaften und Stabte na ihrem Sinn gu geftalten verfnchte. In Rymmegen und Urnheim fiegte Die Demi tratie und ließ ben Altburgermeifter Routens enthaupten, fünf feiner Unbange an ben Rathhausfenstern auffnupfen; ju Amerefort in ber Proving Utred

Mug. 1704. wurden bagegen zwei Demofratenführer hingerichtet. Der Rrieg felbft wurde wie uns befannt, burch die Energie und Standhaftigfeit des hollandischen Rath penfionar Beinflus elf Sabre ilang traftig fortgeführt und ber Berfuch bes fran göfischen Ronigs, die Republit gu einem Separatfrieden gu bewegen, von be Band gewiesen. Aber der Abfall der englischen Toryminister von der allgemeine

Affiang brachte fie um die Früchte ihrer Anftrengungen. Der unter England 14 Nov. Vermittelung abgeschloffene Barrière-Bertrag von Antwerpen, welcher eine Bon mauer gegen Frankreich anfrichtete, indem er ben Generalftaaten bas Recht cie raumte, eine Reihe von Festungen in ben öfterreichischen Rieberlanden mit eigenet Truppen ju befegen, beren Unterhalt durch gemeinschaftlichen Aufwand bestritte werben follte, war ein geringer Erfat für die aufgewendeten Roften und Rriege opfer. Bon ber Beit an flieg die Republit ber Bereinigten Rieberlande von in Bobe berab, auf ber fie im fiebengehnten Sahrhundert geftanben; Die Rraften faltung und Energie, wodurch fie fo oft in Die europaifchen Berbaltniffe a fcheibend eingegriffen, wich einer Politit ber Rube und Thatlofigteit; in Colonien, in ben auswärtigen Meeren, Infeln und Landern gewinnen ihnen Englander den Borfprung ab; die großartigen Entdedungefahrten frühn Jahre werben eingestellt; auf ben Baaren- und Gelbmartten machen im andere Boller erfolgreiche Concurreng; in der Literatur und Biffenschaft men fie von Frankreich überholt; ihre Aunstübung verliert den Schwung der all Meister und wird flationar; Eigensucht und Familienintereffe brangen baterlandischen Beift gurud und lodern ben Gemeinfinn und bas Ration gefühl; eine große Staatsschuld in Folge des Krieges macht Sparfamku Militar, in ber Marine, im Staatshaushalt nothweudig, wodurch ber ehemal Einfluß auf die europäische Politit, die hervorragende Stellung im Rathe

Großmachte, bie Antoritat bei ben entscheibenben Fragen bes Staaten- und Billerlebens immer mehr babinfchwinden. Der militarifche Beift erflicte unter dem Genuß eines friedlichen Lebens, die Disciplin verlor fich mit der Rriegsluft; die Sonne ber reichen Ranfherren schenten die Gefahren ber Baffen, Die Anfrengungen bes Dienftes; bie Bertheidigung bes Landes und die auswürtigen Sectricae blieben fremben Soldtruppen überlaffen.

Der größte Rachteil erwuchs ber Republit burch bie immer niehr ju- Die Unionsmemende Loderung der Staatsbande. Wie in ben Tagen der de Witt suchten lodert. bie bochmiogenben Berren in Umfterbam Die Berrichaft über Boffanb gang in ihre Bande ju bringen und hielten ben Oranier Biffelm Rarl Beinrich Feifo bon Raffau-Diet eiferfüchtig bon bem Staatsrath und allen Regierungsgefcaften fern, auch als berfelbe icon jur Bolljahrigfeit gelangt mar. Gin eng. bergiges Ariftgeratenregiment von oligarchischem Familiengeift beherrscht leitete bie öffentlichen Angelegenheiten in Solland: in den andern Provinzen ahmte man bas Beifpiel ber bochmogenben Regenten in Dage und Amfterdam nach and suchte augleich die eigene Gelbständigkeit au mahren und au mehren, damit nicht bie Benerafftaaten, wo bie Rathsherren von Bolland bie entscheidenbe Etimme au führen pflegten, eine bommirende Entorität aber bie Magistrate und tanbftanbe gewinnen inochten. Go wurde ber furgfichtigfte Particularionine profigezogen und alle gemeinsame Staatsgewalt gefnicht und gelahmt. Wie in Bolen die Welshaupter ein Betorecht errangen, wodurch eine einzige Gegentimme jeben Reichstagebefcfluß verhindern fonnte, fo in den Bereinsflaaten Die inzelnen Probingen. Bergebene fuchte ber verftanbige und rechtichuffene Rathe. enfionarius Gimon von Glingelandt, ber zweite Rachfolger bes im 3. 1720 nefterbenen Beinfeus, ben verlotterten Stantenbund gu fraffigen, bas Unione. und burch bie Errichtung eines allgemeinen Regierungerathes ftrammer anguiehen; ber engherzige Egoistnus ber Digarchen und Dorfmagnaten in ben Etabten und Landschaften wollte ben feiner Organisation beren, welche fie geisthigt hatte, ihre perfonlichen Intereffen und Dlachtbefugniffe einer republianischen Centralgewalt unterzuordnen. Bergebens legte ber patriotifche Staats. rann, ber burch feine Mitwirtung bei bem Congresse gu Soiffons und ben Bertragen von Sevilla und Bien bie Generalftaaten wieder bei ben anbern Rachten in Erinnerung brachte, ben regierenben Berren feiner Beimath einen on ihm entworfenen Plan gur Startung ber Union und gur Sicherftellung ber epublikanischen Catonomie vor: er vermochte bie particularistischen Tendenzen icht zu überwinden. Rach seinem Borfclage follte bem Bringen burch bie eie Bahl famintlicher Staaten die Statthalterschaft abertragen, gubor aber effen Rechte burch einen freundschaftlichen Bergleich genau bestimmt und begrenzt erben. Auf Defe Welfe wurde man ben Charafter ber Erblichfeit beseitigen, en man einft bei Wilhelm III. bem hoben Amte beigelegt, aber bei beffen Tode urch einen Berfaffungebruch unbeachtet gelaffen batte, und zugleich ber Gefahr

# G. Das achtzehnte Jahrh. in den bier erften Jahrzehnten.

borbeugen, daß in Tagen ber Aufregung durch eine Bollserhebung ober einen Staatsstreich die Erbstatthalterwurde auf sturmischem Bege wiederhergestellt werben möchte. Allein die regierenden Berren batten fich ichon au febr in bas verlotterte Befen eingelebt, fanden die bestehenden Formen und Berhaltniffe gu febr ben Sonderintereffen der Aristocratie und bes particularistischen Rleinlebens entsprechend, ale daß fie Menderungen oder Reformen batten begunstigen mogen. So fleuerte man benn mit gerrutteten Kinangen, mit einem ungeordneten Staatshaushalt, mit einer mangelhaften Rriegsmarine und Landmacht, mit einer Unionsverfassung und Autonomie der Ginzelglieder, die an Anarchie grenzte, einer unbefannten Butunft entgegen, von der Sand in den Mund lebend.

# IV. Der Norden und Nordosten nach Karls XII. Cod.

# 1. Der Staatsstreich in Stockholm und seine solgen.

Die erften Anzeichen bes

Der Erbpring Friedrich von Seffen, der Gemahl von Karls XII. jungster Staate Schwester Ulrite Eleonore, befand sich auf einem Edelhofe eine Kleine Stunde von Frederikshald, als ihm der Tod bes Ronigs gemeldet ward. Er fandte ben von ber Rugel burchlocherten but an feine Gemahlin nach Stocholm und eilte in bas Lager, wo die Rührer bes Seeres um die konigliche Leiche versammelt maren. Er ordnete sofort ben Aufbruch an. Der tapfere General Duder machte bem Reffen des Ronigs, Rarl Friedrich von Solftein-Gottorp, der fich gleichfalls im Lager befand, ben Antrag, ibn als ben gunachft berechtigten Thronfolger von ber Beergemeinde als Ronig ausrufen ju laffen, aber ber fcwache, unmanuliche Fürst bebte vor einem folden Bagnis gurud; er verließ fich auf fein legitimes Recht. Go jog benn bas Belagerungsbeer in ben Beihnachts- und Reujahrs. tagen mit dem todten Ronig nach Stocholm. hier war schon Alles fur ben Staatsftreich vorbereitet. Der Reichsrath faßte ben Befchluß, Ulrite Eleonore burch eine Standeversammlung als Ronigin proclamiren gu laffen, borausgefest, baß sie zuvor in die beabsichtigte Beranderung der Berfaffung willigen wurde. Bugleich ließ er ben Grafen Gorg, ber auf bem Bege nach Friedrichshald mar, um die Friedenspraliminarien bem Ronig jur Beftatigung vorzulegen, verbaften und als Staatsgefangenen nach Derebro bringen.

Oligardie und Ronigs

Bir haben auf S. 648 erfahren, wie fehr unter Rarl XI. Die ftandifden thum. Gewalten des Adels und Reichstages beschränkt und der souveränen Macht der Rrone untergeordnet worden. Diese absolute Königsgewalt, die von Rarl XII. zu einem Militarbespotismus ausgebilbet worden mar, follte nunmehr umgefturzt und die alte ftandische Berfaffung mit ber überwiegenden Berrschaft des hohen Abels wieder hergestellt werben. Dagu bedurfte man eines Staatsoberhaupts, das nicht bermöge seines angebornen Rechtes, londern durch den Billen

der Ration in ihren dominirenden Häuptern die Krone trug. Der unter dem Einfluß ber Ariftocratie handelnde Reichstag, der im Februar in Stodholm 19. Brbr. tagte, gab zu ber veranderten Staatsordnung feine Buftimmung. Rach bem neuen Grundgefet mußte Ulrite Eleonore nicht nur ber unumschrantten Ronigs. macht entfagen und zu ber alten ftanbifchen Berfaffung gurudtehren, fonbern fie mußte auch bem neuerrichteten ariftocratischen Reichsrath, unter bem Borfis ber fünf bochften Reichsbeamten, eine fo unabhängige weitgreifende Stellung einraumen, daß berfelbe allmählich zu einer mitregierenden Staatsgewalt emporstieg, die sich auch ohne die Zustimmung der Königin "um die Rechte und Freibeiten bes Reichs bekummern" konnte. Denn als ftanbiger Ausschuß der Reichs. verfammlung, der die oberfte Machtvollkommenheit und Staatshoheit beitvohnen follte, behauptete er nur biefer verantwortlich zu fein. Und boch murben bie ftandifchen Rechte immer mehr vertummert. Dies hatte gur Folge, daß nach und nach alle öffentliche Gewalt in die Bande bes nach Stimmenmehrheit enticheidenden Reichsraths tam, die Ministercollegien mit ihren fürftlichen Borfitern bas Regiment führten und bie Ronigswurde, die auch dem Gemahl ber Ronigin, Briedrich von Beffen beigelegt ward, ju einer machtlofen Chre wie in ber Republit Bolen berabsant. Schwedens Berfassung wurde eine brudende Oligarchie. Der Reicherath ober Senat, worin ber Krone nur zwei Stimmen eingeraumt maren, entichied über alle Regierungsfachen und befette bie oberften Stellen im Beer, in ber Juftig und in ber Berwaltung.

Das erfte Opfer ber zur Macht gelangten Abelspartei mar Rarls verhaßter Gin Suftig-Rathgeber, Graf Gorg. Gine besondere Gerichtscommission unter bem Borfis bes Reichstagspräfidenten Beter Ribbing, die in ihrer Busammensetzung und in ihrem Berfahren an die blutigen Affisen von Lord Jeffreys erinnert (S. 519), übte bas traurige Geschäft, die Annalen ber schwedischen Geschichte mit einem Buftigmord gu bereichern. Auf Grund einer willfürlich aufgestellten Rlageschrift, die Gorg in einer einzigen Sigung ftebend anhören mußte, ohne bag man ibm eine Bertheidigung zugestand, wurde ber Graf von bein Bluttribunal jum Tode verurtheilt und nachdem der Reichsrath ben Spruch beftätigt, auf graufame Beife öffentlich hingerichtet, "ein Opfer ber Eprannei und ber Ungerechtigkeit" nach 13. Marg bem Urtheil Guftavs III. Dit ben Munggeichen wurde gum Ruin von Taufenden auf die rudfichtslofeste Beife borgegangen, ber mit Rugland verabrebete Frieden für ungultig erflart.

Damit aber die herrschende Aristocratie die neuerrungene Gewalt in Sicher. Friedensheit und Rube genießen und bas Beer, bem man mehr Spinpathie für bas Rönigthum als für die Oligarchie gutraute, vermindern tonne, murben alebald mit ben übrigen gegen Schweden verbundeten Machten Friedensichluffe eingegangen, bei benen ber Abel mehr feinen Gigennut als ben Bortheil und die Chre bes Landes berudfichtigte. Um erften erreichte Georg von England feinen 3med, weil fein Bevollmächtigter Carteret mit vollen Sanden in Stodholm auftrat und

ben Unterhandlungen bes hannoberifch-holfteinschen Gesandten Baffewit Rach druck verlieh. Gegen Entrichtung einer Million Thaler an die schwedische Re Aon. 1719. gierung erhielt Georg für fein Aurfürstenthum Sannover bas Bergogthun Bremen und Berben. Auch Ronig Friedrich Bilhelm I. von Preußen erlangt Sebr. 1720. jest die Früchte von Febrbellin, die einst der Gewaltspruch Ludwigs XIV. seinen Großvater entriffen batte. Er behielt die von ihm besetzte wichtige Sandelsfiad Steltin und gang Borpommern bis an die Beene nebft ben Infeln Ufebom un Bollin, wofür er fich zur Bezahlung einer Summe von drei Millionen Thale und einigen unwesentlichen Bugeftanbniffen vervflichtete. Auch mit Danemar wurde unter englischer und frangofischer Bermittelung ein Abtommen getroffen die zwischen beiden Rachbarstaaten berrichende alte Sifersucht und Rivalität erfuh eine Abichwachung burch die Gemeinsamteit bes Saffes, ben die beiben Son verane in Stocholm und Rovenhagen gegen ihren Berwandten Rarl Kriedrich von Solftein-Gottorp hegten, und durch die Beforgniß, Bar Beter mochte ale Racher des verletten Erbfolgerechts eintreten und dem Solfteiner die Rrone von Schweden verschaffen. Go tam benn Friedrich IV. in den Befit ber bem Bergo entriffenen Proving Schleswig, nachdem feine Berfuche, auch die bolfteinischen Befigungen an fich zu bringen, burch die Ginfprache von Raifer und Reich ver Im Biberspruch mit ben alten Grundrechten, nach welcher eitelt worben. Schleswig und Solftein vereint und ungetheilt bleiben follten, verband Frie brich IV. bas Bergogthum Schleswig mit feinen übrigen Rednlanden und unterwarf es widerrechtlich dem Konigsgefes. Bralaten, Ritterschaft und Befiker abeliger Guter wurden burch ein Patent einberufen, "ihrem nunmehr alleinigen Sept 1721. souveranen Landesberrn ben schuldigen Gib ber Treue zu leiften". unterblieb die Ginberufung von Landtagen und ber banifche Absolutismus er ftredte fich auch über Schleswig. Die fcwebischen Stabte und Landichaften in Deutschland, welche die Danen mahrend des Krieges in ihre Gewalt gebracht, Stralfund, Greifsmald, die Infel Rugen, gaben fie gegen eine Gelbentichadigung wieder beraus, mogegen Schweden auf die Befreiung vom Sundzoll, Die et bisher genoffen, verzichtete.

Balb fand sich eine Gelegenheit auch die Reichsgrafschaft Ranhau unter die Herrschaft ber Krone Danemark zu bringen. Bon zwei Brüdern bes Hauses wurde ber eine nach einem unruhigen Leben erschoffen, der andere als bei der That betheiligt von einem durch den König niedergeseten Gerichte zu lebenslänglichem Gefängnis versurtheilt, Friedrich "entging dabei nicht dem Borwurf, bei dem eingehaltenen Bersahren ein solches Biel im Auge gehabt zu haben."

Bar und Ain längsten dauerte der Krieg mit Aufland. Da die neue Regierung der Reicherath. zwischen Gorz und Oftermann auf Bosoe vereinbarten Friedensentwurf nicht annahm, so brachte sie neue Kriegsleiden über das erschöpfte Reich. Die rufsische 1720. Flotte landete auf der schwedischen Küste und verheerte Alles mit Feuer und Schwert. Dörfer, Höse, Mühlen wurden in Flammen geset, die Waaren aus

den Magazinen weggeführt oder ins Meer geworfen, Balder und Getreidefelder niedergebrannt. Um ber Biederholung folder Seenen im nachften Jahre boraubeugen, traf endlich ber Reicherath, ba er mit ber berabgetommenen Armee und Flotte bem übermächtigen Feind teinen nachdrudlichen Biberftand zu leiften vermochte, auch mit Rufland ein Abkommen, wie es ber Bar als Preis feiner Anertennung der befiehenden Ordnung verlangte. In dem Ryftabter Frie-10. Cept ben wurden die reichen Brobingen im Often ber baltischen Meere Ingermanland, Efthland, Lipland und ein Theil von Carelien an Rufland abgetreten gegen die geringe Entschädigung von zwei Millionen Thaler. Aur Finnland follte noch ferner bei Schweben verbleiben. Rurland war ein ruffifcher Bafallenftaat, seitbem Peters Richte Unna Imanowna zuerst als Gemahlin bes Herzogs Friedrich Wilhelm, dann nach beffen frühem Tob im eigenen Ramen bas Bergogthum regierte. Den abgetretenen Provingen wurde ber Fortbestand ihrer ererbten Rechte und Ginrichtungen, ihrer Sprache und Religion, wie es ihnen ber Bar icon friber verheißen, aufs Reue feierlich garantirt. Der Gebante, ben Bergog von Holftein-Gottorp auf den schwedischen Thron zu bringen, mußte aufgegeben werben. Doch bemahrte Beter bem in feinen Rechten und Besitzungen gefrantten Burften trop feiner Unfähigfeit, Sittenlofigfeit und Berfcwendung ftete Theilnahme und Intereffe. Roch turg vor seinem Tode verlobte er bemfelben seine altefte Tochter Auna. Go hatte benn Peter Die "awanzigjahrige Schulzeit" ju einem gludlichen Biele geführt. Bon ber Beit an ichieb Schweben aus ber Reihe der Großmächte, an feine Stelle trat Rufland. Bald war in Barfcau, Stod. bolm und Rovenhagen der ruffifche Einfluß vorherrschend. Senat und Synod legten dem in feine neue Sauptstadt einziehenden Sieger ben Raisertitel bei und ber Erzbischof begrußte ibn in ber Dreifaltigfeitefirche als Bater bes Baterlands. In der gangen Stadt erhob fich ber taufendstimmige Ruf : "Es lebe ber Bater des Baterlands, der Raifer, Peter der Große!" Das Ausland gab theils fogleich, theils in ben nächsten Jahren feine auftimmende Anerkennung.

### 2. Peter der Arofe in der zweiten Periode und seine Nachfolger.

# a. Sobpfungen und Charafter bes Baren.

Rach ber Beendigung bes nordischen Krieges fand Rugland als ein ber- Beiers Rejungter Staat, als eine europäische Großmacht ba. Der Bar, ber fich nunmehr teit. Raifer und Selbstherricher aller Reußen nannte und felbft in Wien wenigstens als "Barifche Majeftat" anerkannt ward, hatte feinem Reiche blubende cultivirte Länder erworben, seiner neugegründeten Geemacht zwei Meere erschloffen, Die wenig bevolkerte Proving Ingermanland durch erzwungene Ueberfiedelung volkrich gemacht, Betersburg, bas ber europäischen Cultur naber lag als Mostan, jum Sig ber Regierung und jur Sauptftadt bes Reiches erhoben und burch

großartige Anlagen und Bauwerte in Aufschwung gebracht, die hoben Abele familien und reichen Raufherren und Gutsbefiger zur Ueberfiedelung nach be neuen Refidens bewogen und zur Errichtung ansehnlicher Saufer und Balaf angehalten. Durch Unlegung bon Canalen und Landstragen erleichterte Bete ben innern Bertehr feines unermeglichen Reiches; mit ben Seeftaaten bes Mus landes wurden birefte Sanbelsverbindungen angefnüpft und ju bem Ende Sec bafen angelegt und die Schifffahrt beforbert, Die Ginwanderungen gefchickter gebildeter und geschäftserfahrener Auslander fortwährend ermuntert und belebt Gewerbe und Manufakturen erfreuten fich besonderer Begunftigungen, und ner erschaffene Bergwerte forberten ben inneren Reichthum bes Landes zu Tage Dies hatte zur Folge, bag am Enbe bes zweiundzwanzigjahrigen Rrieges be ruffische Staat nicht nur ichulbenfrei mar, sonbern bas Sinanzwefen, burd awedinäßigere Steuereinrichtung, burch Berbefferung bes Abgabefpftems unt Bermehrung ber Bolleinkunfte (S. 698), fich in fo gutem Buftande befand, baf 1722-24 ber Raiser unmittelbar nachher einen Krieg gegen bas durch innere Aufftanbe und Abfalle gerruttete Berferreich unternehmen tonnte, um neue Sandelsberbindungen zu ichaffen und die langs bes tafpischen Meeres gelegenen Provingen "jur Sicherung der ruffischen Grengen" unter ben Schut des Raifers ju ftellen. Auch bas gange Staats- und Rechtsleben bes Reichs betam burch Beter eine An die Stelle bes alten Bojarenhofs trat ber vom Raiser abneue Beftalt. hängige und von ihm ernannte Senat als oberfte Reichsbeborde und Reichsgericht in Betersburg; und in ben Utafen murbe nicht mehr wie früher ber Buftiminung ber Bojaren zu bem Billen bes Souverans gedacht. Die alten Rangleien (Britas) in ben einzelnen Landschaften murben aufgehoben, und gebn neue Regierungs-Collegien mit beftimmtem Geschäftefreis leiteten die Berwaltung in ben Eine nach frangofischem Mufter eingerichtete Boligei ficherte Die Sauptstadt, aber leiber glaubte Beter, bag eine geheime Inquisitionetanglei auch gur guten Polizei gebore, und ließ baber biefes von Iman Bafiljewitfch gegrunbete schreckliche Inftitut bestehen. Die Berhaltniffe ber Leibeigenschaft murben fest geregelt, wobei aber mehr ber Rriegsbienft und ber Bortheil bes Staats als bas Loos ber Rnechte und Gutshörigen ins Auge gefaßt marb. Dem Bauer war die Freizugigfeit genommen und tein perfonliches Eigenthumsrecht an die bon ihm bebaute Aderstelle jugeftanden, bem Berrn fogar die Befugniß gegeben, "die Bauern nicht blos mit der Scholle zu verlaufen, sondern fie auch zu jeder beliebigen Saus- und Rabritarbeit zu verwenden." Done Rechtsichut und Eigenthum mar ber ruffifche Leibeigene somit gang ber Billfur bes Erbherm verfallen; die Mahnung, daß der Gutsberr ben Bauer "nicht über feine Rrafte" belaften und in Anspruch nehmen folle, fand wenig Beachtung. Debrmals ber

suchte Peter das Schickfal der Leibeigenen zu mildern; aber die Berordnungen bes vielbeschäftigten Selbstherrschers wurden nicht ausgeführt. Bielmehr wurde durch die Ausbehnung der Kopfsteuer und der Kriegspflicht auf alle "mannlichen

Seelen" in Stadt und Land der bisherige Unterschied zwischen Hofgefinde (Hausiclaven) und Bavernichaften verwischt und beide bem gleichen Loos brudenber Anechtichaft preisgegeben. Rur auf den Gutern der Rrone und ber Rirche berrichte eine mildere Braris. Auch fur Bebung ber Boltsbildung burch Schulen und Lehranftalten war Peter ber Große bedacht; von den Gintunften der Rirchen und Rlöfter follte ein Theil fur das Unterrichtswesen verwendet werden. jelbft eine Atademie ber Biffenschaften wurde in Betersburg gegrundet, aber von ihren gelehrten Forschungen hatte bas robe Bolt teinen Gewinn. — Bon ber Errichtung bes "bochheiligen Synod" an Stelle bes aufgehobenen Batriarcats ift schon fruber die Rede gewesen. Mit bemfelben verbunden mar ein "aeiftliches Deconomie- und Rammercollegium", bas über die Bermendung firchlicher Guter und Sinkunfte Beftimmungen traf und bie Ueberschuffe an bie Rrone abzuliefern hatte. Bon nun an ftand in Rufland Rirche und Staat unter bem militarischen Regiment eines absoluten Raiserthums. Satte Beter noch seinen Plan, bem gangen Reiche ein allgemeines Gesethuch zu verleihen, ausgeführt, so mare bie Staatsorganisation gur Bollenbung gebracht worden.

Aber wie viel Beter auch fur Cultivirung feines Landes that, er felbft blieb Bater und bis an bas Ende feines Lebens ein ber Bollerei und roben Sinnengenuffen er-Eine zweite, in Begleitung der Raiserin Ratharina untergebener Defpot. nommene Reise durch Deutschland nach Solland und Frankreich bewies ben abendlandischen Boltern, wie weit die ruffifche Cultur und Civilisation binter ber europäischen gurudftanb. Die Parifer Belt nahm an ben Sitten und Lebensgewohnheiten bes Raifers und feiner Umgebung eben fo viel Anftof wie hundert. funfzig Jahre fpater die Berliner an den Gefellschaftsformen bes Schah von Berfien. Befonbere gab Betere Berfahren wiber feinen erftgebornen Sohn Alexei, auf den er die Abneigung gegen beffen verftoßene Mutter übertragen, Bengniß bon ber harten Gemuthsart bes Machthabers. Durch Trot und ftorrisches Befen hatte Alexei die Liebe bes Baters verscherzt, er hatte fich mißbilligend über die Reuerungen geaußert, hatte fich mit lauter Freunden des alten Buftanbes umgeben und ben Borfat ausgesprochen, feine Refidenz einft wieder Umfonft fuchte Beter ibn burch Bermablung mit nach Mostau zu verlegen. einer dentschen Fürstentochter, Charlotte Christine Sophie bon Braunschweig-Bolfenbuttel, Schwester ber Gemablin Raifer Rarls VI., ber europäischen Gultur zu befreunden; ber Barewitsch, unter ber Oberleitung von Menschitow ichlecht erzogen, blieb bei feinem Sinn. Er haßte die Reformen bes Baters und hielt fest an ben altruffischen Anschauungen, Sitten und Bewohnheiten. Er haßte feine beutsche Gemablin und behandelte fie mit folder Barte und Lieblofigfeit, baß fie nach vierjähriger ungludlicher Che aus Gram und Bermabrlofung ftarb, nachbem fie bem Barewitich eine Tochter und einen Sohn geboren. Mube ber vaterlichen Strafreden und von ichlimmen Rathgebern aufgereigt entwich endlich, als ber Raifer in Amfterdam weilte, Alegei aus bem Reich und begab fich von

Königsberg nach Wien und Tirol, in der Absicht sich in ein Reapolitanisches Kloster zurückzuziehen. Da schiedte der Bar, besorgt um den Fortbestand seiner Einrichtungen, zwei Ebelleute, Rumanzow und Tolstop ab, um den Entstohenen in die Heimath zurückzubringen. Darauf wurde Alexei in Moskau vor einen aus geistlichen und weltlichen Commissarien zusammengesetzten besonderen Ge1717. richtshof gestellt und als Staatsverbrecher zum Tode verurtheilt. Ob der Bare-

aus geistlichen und weltlichen Commissarien zusammengesetzten besonderen Ge7- richtshof gestellt und als Staatsverbrecher zum Tode verurtheilt. Ob der Barewitsch, wie behauptet wird, im Gefängniß von einem tödtlichen Schlagsluß betrossen vor der Bollstreckung des Urtheils starb oder ob der Tod durch andere
Mittel herbeigeführt ward, blieb in Dunkel gehüllt. Alle Theilnehmer und
Witschuldige der conspiratorischen Umtriebe wurden mit Tod, Verstümmelung,

Berbannung und Güterverlust bestraft. Mehrere Glieder fürstlicher Häuser fürstlicher Häuser franzeiter itarben unter dem henterbeil. Sinige Zeit nachher gab ein kaiserlicher Ukas die Bestimmung der Thronfolge dem Willen des regierenden herrschers anheim. Dadurch verschwand aus dem russischen Reich der Begriff der Legitimität; die zarische Thronfolge wurde rechtlos, ein Spielball der kaiserlichen Laune und Willkur. Das neue Erbsolgegeses wurde von der Geistlichkeit, dem Adel, der Beamtenschaft beschworen und der Metropolite Feosan Brodopowissch verfaßte

eine Schrift über "das Recht des Monarchenwillens."

\*\*Tod u. Charatter Peters

Am 28. Januar alten, am 8. Febr. neuen Stils des Jahres 1725 ging
Bar Peter der Große aus dem Leben. Seine geschichtliche Bedeutung für Rußland ist uns aus der bisherigen Darstellung seiner Thaten und Bestrebungen klar
geworden: er hat das Moskowiterreich in die europäsische Staatensamilie eingeführt, dem russischen Bolke das Gepräge und die äußeren Formen europäsischer
Sivilisation verliehen und dem monarchischen Absolutismus den schärfsten Ausdruck gegeben. Daß sein Hauptziel, die Cultivirung seines Reiches und Bolkes
nur unvollkommen erreicht ward, daß Bieles eine "unnatürliche Treibhaus-Civilisation" blieb, welche die Rohheit und Barbarei nur dürstig verhüllte, war
unvermeidlich. Bo die Elemente fehlten, an die man das Frenze bätte an-

unvermeiblich. Wo die Elemente sehlten, an die man das Fremde hätte anknüpsen können, der Grund und Boden für die neue Bildung so unvorbereitet war, wie hätte da die civilisatorische Mission des autokratischen Herrschers mehr als einen äußeren Anstrich, einen oberstächlichen Schein cultivirter Lebensformen schaffen können? Dazu kam noch des Baren eigene Natur, welche, wie früher bemerkt, die innere Barbarei und die rohen Triebe nur zeitweise zu überwinden vermochte, der mangelhafte Begriff von dem Wesen der Bildung, die ihm nicht als eine harmonische Beredlung des Geistes und Charakters erschien, sondern als eine Summe nüglicher Kenntnisse und Fertigkeiten für praktische Zwecke, und der heftige despotische Charakter, der alles Widerstrebende wie mit einer wilden Naturkraft zu Boden schlug. "Peter wollte die Russen der höheren Stände zu einem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 nach europäischer Weise zwingen", urtheilt Bernhardt, "und anständige, selbst feine Sitte in ihrem Kreise einheimisch machen —

und durchbrach dann beständig felbst, bem Buge seiner Leidenschaft folgend, in

robester Beife alle Schranten ber Sitte. Go bewegte fich bas Leben an seinem Sofe und in feiner Umgebung in den feltfamen Gegenfagen, von benen alle Auswärtigen mit Befremden sprachen. Die ruffischen Damen freilich, benen bis dabin der Bater an ihrem Sochzeitstage unter bedenklichen Reben die Beitsche gezeigt hatte, bie er bann feierlich bem Brautigam einhandigte, die fanden fich ichnell genug in die neue Rolle, Roniginnen ihrer Salons zu fein. Den Mannern aber wollte es weniger gelingen, sich in die Formen ritterlicher Galanterie einzuleben, und fort und fort unterbrach ber Bar felbft bas mubfam eingelernte und durchgeführte Schauspiel durch wufte Erintgelage, in benen boch anch er selbst fein eigenftes Behagen fand." Aber fo fehr immer bas Ausland Anftog nehmen mochte an den ungezügelten Ansbruchen feiner Leidenschaft und feiner Billfur, fo febr noch oft genug unter ben Formen außerer Civilisation bie Ratur bes Barbaren hervorbrach, wie einft in bem Benehmen gegen feine eigene Nichte, als diefe ihn mit ihrem Medlenburger Gemahl auf ber Rudreife in Magbeburg begrußte; fo febr er bei feinen Belagen und gefellichaftlichen Bergnugungen feinen bespotischen Launen, seinem Born, feiner Trunksucht, seinen ungeftumen Erieben fich rudhaltlos bingab; eine große Berrichereigenschaft bat Peter unter allen Berhaltniffen bewährt - er bat nie ben Staatszweck aus bem Auge verloren, er hat nie in der Befriedigung eines felbstfüchtigen Chraeizes. nie in ber Berberrlichung feiner eigenen Perfon, nie in Prunt und außerlichem Fürstenglang die Aufgabe bes Herrichers ertannt, sondern stets die Ehre, Groke und Bohlfahrt seines Reiches und Boltes in die erste Linie gestellt, bei allen Dingen ben prattifden Rugen bor Augen gehabt, nie nach Schein und falfcher Burde getrachtet. "Er war von einem hoben Pflichtgefühl befeelt; das mar die ibeale Seite feines Lebens." Bon diefer Gefinnung gibt bas ermahnte Schreiben Beugniß, bas er in feiner berzweifelten Lage am Bruth an den Senat richtete; bon biefer Gefinnung gibt auch ein Brief Beugniß, in welchem er im Jahre 1704 feinem bamals vierzehnfahrigen Sohn Alegei feinen Beruf flar macht: "Bir banten Gott fur ben Sieg, benn bon ihm tommt er, aber wir follen alle Rrafte anspannen, um ben Sieg zu behaupten. Du baft gefeben. bag ich feine Arbeit, feine Mube, feine Gefahr icheue. Seute ober morgen fann ich fterben, aber wiffe, keine Freude wirft bu haben auf Erden, wenn du meinem Beispiel nicht folgeft. Du follft lieben alles bas, was zum Boble und zur Ehre bes Baterlandes bient, du follft die treuen Diener lieben, ob fie beine Landsleute oder Fremde find, teine Dube barfft du icheuen. Wenn du meinem Rathe nicht folgft, bift bu mein Sohn nicht, und ich werbe zu Gott beten, daß er dich in biefem und in jenem Leben bafur ftrafe". Beter war eine machtige Berrichernatur, in ber Licht und Schatten gleich icharf hervortraten, ein Reformator von flarem Biffen und Bollen, ber auf dem unangebauten Boden rober Grundstoffe und unentwidelter Bolteelemente mit fuhner Schopferhand einen neuen Staatsorganismus aufrichtete. Die in feinen letten Jahren burchgeführte Reugeftaltung

ber gesellschaftlichen Rangordnung, nach welcher nicht Abel und Geburt, nicht Abstaumung und Hertunft, sondern die hierarchische Stufenfolge in Amt und Dienst für die Stellung im Staat, am Hofe, im öffentlichen Leben maßgebend war, behandelte den ganzen gebildeten Theil der Ration wie einen Stoff, der erst durch den Willen und die organisatorische Thätigteit des "Selbstherrschers" sein Gepräge und seinen Geltung erhielt, dem nur die nähere oder entserntere Abstusung vom Thron seine Bedeutung gab, seine Rasse und seinen Standpunkt in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verlieh, eine Einrichtung und hierarchische Gliederung, die mit dem chinesischen Mandarinenthum sich vergleichen läßt. Biele von Peters Schöpfungen waren nur Bersuche und Probleme, die noch einer weiteren Entwickelung und Ausbildung bedurften; aber es waren Reime und Saatsörner, aus denen künstige Früchte mit Sicherheit erwartet werden konnten.

## b. Rufland unter Beters Rachfolgern. ")

Menfchifows Thatigfeit.

Der unerwartete und rasche Tod Peters bes Großen führte eine Reihe schwankender Regierungen und stürmischer Thronwechsel herbei, die an die Raiserzeit von Rom und Bygang erinnern. Der Bar hatte wohl fruber die Bestimmung getroffen, daß seine Bemahlin Ratharina nach ihm den Berrscherthron besteigen folle und fie zu bem 3med als Raiferin fronen laffen; aber in der letten Beit mar fie megen schweren Berdachts der Untreue in Ungnade gefallen; es hieß, Beter habe seine an den Bergog von Holstein-Gottorp verheirathete Tochter Anna ju feiner Nachfolgerin ernennen wollen. Aber er ftarb fo fcnell, daß er nicht einmal mehr feinen letten Billen tund geben tonnte und daß das Gerücht auffam, er fei auf gewaltsame Beife aus der Belt geschafft worden, Menschifow habe ibn vergiften laffen, um einer ibm angedrobten Beftrafung zu entgeben. Raum war ber Tob befannt, so versammelte fich bie altruffische Partei, an ihrer Spipe die Fürsten Galippn, Dolgoruty, Rurafin, Trubegfoi, Repnin, der Großadmiral Apragin u. a. in der Absicht, ben gehnjährigen Sohn bes Barewitich Alexei, ber ben Ramen bes Großvaters führte, jum Raifer auszurufen und mahrend seiner Minderjahrigkeit eine Regentschaft



ju bestellen, welche die alten Ordnungen wieder jurudführen mochte. Sie gebachten es zu machen, wie die schwedischen Abelshäupter nach Rarls XII. Cob. Allein burch die Entschlossenheit Menschikows, ber ben Oberbefehl über die Truppen ber Sauptstadt hatte und ben im Falle eines Sieges ber Begenpartei bas Loos bes Grafen Gorg erwartete, und burch die Thatigkeit feiner Anhanger, ju benen auch ber Holfteiner Baffewig geborte, murbe bas Borhaben vereitelt und Beters urfprunglicher Blan burchgeführt. Menschitow, ber bom niebrigften Stande jum Gunftling bes Raifers und allmachtigen Minister emporgeftiegen, aber durch Sabgier und Beruntreuung feinen Ramen befledt hatte, verschaffte feiner ehemaligen Dienerin Ratharina den Thron und führte bann in ihrem Ramen als "burchlauchtigfter Fürst" und vorfigendes Saupt des "bochften geheimen Rathes", der über den Senat gestellt die oberfte Regierungsbehörde bildete, ein unumschränktes Regiment.

"Es fehlte ber Raiferin Ratharina I. nicht an Entschloffenheit und natür. Ratharina 1. lichem Berftand, fie hatte viel erlebt und erfahren und ihren Geift an große Berbaltniffe gewöhnt. Lesen und Schreiben batte fie gleichwohl nie gelernt. Ihre Tochter Elifabeth mußte fur fie unterschreiben." Arbeitscheu und bem Trunte ergeben folgte fie in Allem den Weisungen Menschikows und machte badurch die Altruffen zu ihren erbittertsten Feinden. Ihre turze Regierung mar daber mit Berichwörungen und Parteiumtrieben erfüllt, die nur durch strenge Bestrafung der malcontenten Abelshäupter niedergehalten wurden. Auch bei der Geiftlichkeit gab fich ein reactionares Streben gegen die Allmacht bes Staats und bes "hochheiligen Spnod" tund. Feodofip Janoweth, der herrschfüchtige Erzbischof von Rowgorod, welcher für Bieberherstellung der alten Patriarchenwurde arbeitete, mußte für fein rantevolles Treiben in enger Rlofterhaft bugen.

Schon nach zwei Jahren ftarb Ratharina. In ihrem Teftament, beffen 17. (6.) Rai Echtheit jeboch ftart angezweifelt murbe, hatte fie ben unmundigen Sohn bes im Befängniß gestorbenen Alexei, Beter II. Alexejewitsch zu ihrem Rachfolger beftimmt, jum großen Berdruß ber Solfteinichen Bartei, welche ber Großfürstin Anna Petrowna und ihrem herzoglichen Gemahl die Rrone zugedacht hatte. Menschilow war der Urheber biefer Thronfolge; unter dem unmundigen Fürsten Beter 11. hoffte ber berrichfüchtige Staatsmann noch hoher ju fleigen: er riß nun bie Regentichaft an fich, ließ fich jum Generaliffimus ber gefammten Rriegsmacht ernennen und gedachte durch die Bermählung feiner Tochter mit bem jungen Baren die Raiferwurde an feine Familie zu bringen. Der Bergog von Bolftein-Gottorp, ber als Mitglied bes "geheimen Rathes" trop feiner geringen Fabigfeiten bem Emportonmling im Bege fein tonnte, murbe genothigt, mit feiner Gemablin in feine beutsche Beimath zurudzukehren. Die Großfürftin Anna ftarb in bem fremben Lanbe, nachbem fie einen Sohn geboren, ber ben Ramen bes Großvaters erhielt und in der Folge als Beter III. ein tragisches Ende hatte.

Denfchifome Sobe unb

Run ftand Menschikow auf der Bobe ber Macht: um fich Freunde au er-Sturd werben gab er ber Rirche die Selbstverwaltung ihrer Guter gurud jum großen Schaben ber auf geiftliche Gintunfte gewiesenen Schulen und raumte ben Rofaten. welche von Beter bem Großen bem Senat unterworfen worben, wieber bas Recht ein, ihren eigenen Hetman zu wählen und wie ehebem als autonomer Staat unter ber Schutherrlichkeit bes Baren fortaubesteben. Aber feine hoch. fliegenden Blane nahmen ein Ende mit Schreden. Iman Dolgorutt, einer machtigen zahlreichen Abelsfamilie angehörenb, war ber ftete Gefahrte bes jungen Baren auf ben Jagben, benen er im Uebermaß ergeben war. Da benutte er bie Gelegenheit bem leibenschaftlichen Fürften ben Glauben beigubringen, bag Menichitow ibn unwurdig behandle, ibn allgu febr übermachen laffe und ibn in feinen Ausgaben beschränke. Und nun erfolgte eine jener Balaftrevolutionen, wie fie an bespotischen Sofen von Beit zu Beit gleich einem Raturereigniß eintreten und einen ganglichen Umschwung bes Bestehenben bewirken. Menschifow murbe ploklich verhaftet und mit seinem Sohne und ber taiserlichen Brant aus Betere. bura in das innere Rugland und bann nach Sibirien abgeführt. Dort verbrachte er mit feiner Ramilie ben Reft feiner Tage und von den Millionen, die er aufammengescharrt, blieb ihm nur ein spärlicher Unterhalt. 3molf Jahre trug er bas harte Loos, bis Gram und Schwermuth feinem Beben ein Ende machten, Die Dolgos nachbem er noch den Tob feiner Tochter betrauert. Rach Menschiffoms Stura

Deters Ende traten Iman Dolgoruth und seine Bruder und Bettern an Die Spife ber Geichafte und wirften im reactionaren altruffifchen Sinne. Als Beiter bes geheimen Rathes geboten fie eben fo unumschräntt über ben Senat und die Regierungs. collegien, wie ber verbannte Regent. Der altruffichen Ibee getreu führten fie ben Baren nach Mostau gurud, suchten die Fremden aus bem Beer und ber Berwaltung zu verdrängen, beschränften den Berfehr mit dem Auslande. Mostowitervolt follte wieber fich felbft gehoren, von ber alten Sauptftabt aus durch fich felbft regiert werden, und um ihren Ginfluß für alle Butunft ficher zu ftellen wollten bie Dolgorutys, wie borbem Menschifow ben jungen Baren mit feften Banden an ihr Baus tnupfen. 3man Dolgoruths icone Schwefter Ratharina wurde mit Beter firchlich verlobt. Graf Milefimo, ein Cavalier von ber öfterreichischen Gesandtichaft, bem die Fürstentochter ihr Berg augewandt batte, wurde nach Bien entfandt. Schon war ber Bochzeitstag bestimmt, ba erfrantte Beter II., ber trot feiner Jugend ein ausschweifendes Leben geführt hatte, um

30. San- nie mehr zu genefen. In einer ber letten Sanuarnachte ftarb er zu Mostau in ben Armen bes beutschen General Oftermann, bem er ftets gewogen war, noch nicht funfaehn Jahre alt.

Gin altrufft-

Ber follte jest ben Thron besteigen? Um Sterbelager hatten die Dolgorutys Areich ben Plan überlegt, ob man nicht ein Teftament aufstellen follte, in welchem ber Bar feine Braut als Nachfolgerin einsette. Man wurde jedoch nicht einig; die Thronfolge blieb unbestimmt, bis die im Balafte anwesenden Mitglieder des

hoben Raths auf Anregung bes Fürsten Omitry Galigon in dem Beschluß fic vereinigten, Die jungere Bruderstochter Peters bes Großen Unna 3manowna, verwittwete Bergogin bon Aurland als Raiferin ju "wählen" und ausrufen ju laffen, ihr aber zugleich folche Bedingungen zu ftellen, bas bas bisberige Regierungefpftem und beffen Trager ungefährdet fortbeftanben. Bie ber ichwebische Reichsrath wollten somit auch die ruffischen Magnaten burch Umgehung ber nichtmäßigen Thronfolge ihre Berrichaft fitt bie Butunft ficher ftellen. nachfte Anrecht befaß ber unmundige Sohn bon Beters bes Großen Tochter, ber Erbherzog von Solftein-Gottorp, und nach ihm bie Bergogin von Medlenburg, Anna's altere Schwefter. Der conspiratorifche Plan gelang: in einer feierlichen Berfammlung, ber bie Mitglieder bes hohen Raths, bes Senats, bes Synods und eine Angahl von Großbeamten aus ben Collegien anwohnten, wurde Anna Iwanowna als Herrscherin anerkannt und zugleich eine Capitulation aufgeftellt, die der absoluten Barengewalt Schranfen feten und bas Reich in eine Bablmonarchie und Abelsaristocratie verwandeln follte.

Anna unterzeichnete die Urkunde, die ihr ein Courier nach Mitau brachte, Ber Gegenund begab fich barauf nach Mostau. Da tonnte fie denn balb bemerten, bag Bebr. 1730. die Tendengen der Magnaten viele Gegner hatten, daß der niedere Abel mit Reid auf die Uebermacht ber hoben Ariftocratenfamilien und die neugeschaffenen oder wieberhergestellten Borrechte berfelben blidte, bag bie Mehrheit ber Geiftlichkeit von einer oligarchischen Berfassung nichts miffen wollte, daß Bolt und Beer eine Selbstherrichaft im Beifte Beters bes Großen verlangten, daß felbft unter den Machthabern Meinungeverschiebenheit und Bwietracht herrschte. Sie erkannte, wie fcmach bas Spinngewebe fei, in bem man fie eingefangen ju balten fuchte" und faßte ben Beschluß, die Capitulation zu zerreißen, durch welche die Dolgorutys und ihr Anhang ihr oligarchisches Regiment zu befestigen, die Errungenschaften ber Reformthatigfeit ju Gunften ihrer eigenen Privilegien und ihrer Machtftellung rudgangig ju machen gedachten. Geftust auf eine Bittichrift vieler Berren vom Abel, die unumschrantte Macht ihrer Borfahren zu übernehmen, zerriß fie die von ihr unterschriebene Urtunde und stellte die absolute Raisermacht ber. In allen Rirchen Ruglands murbe ber "Selbftherricherin Anna Iwanowna" ein neuer Eid ber Ereue geleiftet.

Mars 1730.

Damit war die altruffifche Partei, die fich unter Beter II. ber Regierung Anna Iwabemachtigt hatte, gefturgt, die Leitung bes Staats tam in die Bande der Begen- 1730-1740. partei, die fich der europäischen Civilisation zuwendete. "Bon der Beit an wurde die Selbstherrschaft ihr eigner 3med, die Erhaltung ihrer felbft die eigentliche Aufgabe ber unumschränkten Dacht." Bie in bem befannten Ausspruch Bud. wigs XIV. ging ber Staat in der Berson des Monarchen auf. Anna hatte versprochen ihren Gunftling, Ernft Johann von Bubren, Sohn eines furlanbifden Gutebefigere, ber fich ben frangofifchen Abelenamen Biron beigelegt, nicht nach Mostau tommen zu laffen. Benige Bochen nach ber Revolution

erschien berfelbe in der Barenburg und traf im Ramen ber Raiserin, die dem thatfraftigen, burchgreifenden Manne Die gange Serrichergewalt überlieft, alle Anordnungen, um bas neue Regiment zu befestigen. Der hobe Rath murbe aufgehoben, ber Senat wieder eingerichtet wie er ju Beters des Großen Beiten bestanden, die eigentliche Regierung aber einem taiferlichen Cabinet von wenigen juberläffigen Mannern übertragen, unter benen der jum Grafen erhobene Oftermann aus Bodum in Bestfalen und ber Feldzeugmeister Burthard Chriftoph von Minnich aus Oldenburg bas meifte Ansehen befagen. Die Dolgorutys und Galixons wurden vom Sof entfernt und in der Kolae, als fie neue Bersuche machten, die über die Herrschaft ber Deutschen fich tundgebende Unzufriedenheit jur Biedererlangung ihrer verlornen Dacht ju verwerthen, mit ewiger Gefangenschaft ober mit Berbannung bestraft. Unbarmbergig warf der despotische Biron, dem die Raiserin das Unit des Obertammerberrn ertheilte und, da fie felbit trage und arbeitschen mar, die Staatsgeschafte überließ, alle Biberfacher ber neuen Ordnung nieder. Da die Preobraschensthiche Raisergarde, in welcher sich viele Altruffen befanden, nicht gang zuberläsig erschien, übergab Anna bie hut bes Schloffes und ihrer Berson einem neuerrichteten Regiment, bas fie nach einem Luftichloß das Ismailow'iche nannte und das meiftens aus Fremden zusammengeset unter deutscher Rübrung ftand. Und um von den altruffischen Ginfluffen befreit zu fein, machte bie Barin bas halbverobete Betereburg wieder gur Refi-1782. beng und jum Sig ber Reichsbehörden.

Kurland. Batd bot sich ber Kaiserin eine Selegenheit, ihren Sünstling noch mehr zu erböhen. Der lette Sprößling des Kettlerschen Hauses in Kurland, Herzog Ferdinand, lebte mahrend ihrer eigenen Regierung in Mitau arm und kinderlos im Ausland. Der Kurfürst-König August II. wollte das Herzogthum als polnisches Leben an fein Hausbringen. Die Ritterschaft wurde daher bewogen, den natürlichen Sohn desselben Moriz von Sachsen, den ihm die Gräfin Aurora von Königsmark geboren, einen

1726. ritterlichen Mann von ausgezeichneten militärischen Talenten, zum Herzog zu wählen. Anna hätte dem schönen jungen Manne gerne ihre Hand und damit die Herzogswurde gegeben; aber sowohl die polnischen Magnaten, welche das Land wieder an die Republik knüpfen wollten, als Menschikow, der selbst nach dem Besitz trachtete, verhinderten den Plan. Bergebens suchte sich Mortz mit Bassengewalt zu behaupten; durch Kebr. 1727. russische Truppen überwältigt mußte er das Land verlassen. Sein noch in demselben

Jahr erfolgter Sturz vereitelte Menschikows Plan; Kurland behielt seine eigene Berwaltung. Der abwesende legitime Erbe Ferdinand führte den Herzogstitel fort, aber Anna, die Bittwe seines Reffen regierte das Land, zuerst in Mitau, dann von Peters1737. burg aus. Als nun der letzte Sproßling der Rettlerschen Ohnastie in der Fremde ftarb,

brachte es Anna dahin, daß ihr Sunftling Biron von der Aitterschaft zum Herzog gewählt ward. Kaiser Karl VI., damals aufs Eifrigste bestissen, sich mächtige Allianzen zu verschaften, begünstigte den Plan und auch der polnische Senat gab seine Bustimmung. So kam das Herzogthum Kurland an einen eingebornen Edelmann, der aber stets in Abhängigkeit von Rupland war. Seine Regierung, durch eine längere Berbannung unterbrochen, dann wieder hergestellt, war nur eine Uebergangsperiode: Kurland theilte mit der Zeit das Schickal von Livland und Eschland.

Mehr und mehr lentte nun die ruffische Regierung wieder in die von Peter Die ruffische Regierung bem Großen vorgezeichneten Bahnen ein: Manches Unvollendete wurde weiter unredirons Ginfus. geführt, die Staatsautoritat über die Rirche fest begrundet und das Rlofterwefen reorganifirt, über Beerdienft und Grundbefit Beftimmungen getroffen, welche den ruffischen Abel mit den Reformen ausfohnen follten. Oftermann leitete mit Rraft und Umficht die außern Angelegenheiten im Rabinet, unterftust von dem ruffischen Staatsmann Fürst Tichertasty, ber bei bem Staatsftreich wichtige Dienste geleiftet hatte; Graf Munnich, ein talentvoller in Eugens Schule gebilbeter Militar gab, jum Generalfeldmaricall erhoben, ber Rriegemacht und bem Seewesen ben fruberen Glang wieder. Aber bie Abneigung gegen bas "Frembenregiment", gegen bie meiftens ber protestantischen Confession ergebenen Angestellten dauerte fort und hat noch in spaterer Beit in der ruffischen Geschichtschreibung ihren Rachtlang gefunden. Besonders mar Biron der Gegenftand des Baffes; er fannte biefe Stimmung und begegnete ihr mit Barte und tyrannifcher Strenge. Riemals hatte bie "Ranglei ber geheimen Angelegenheiten" fo viel ju thun ale unter Anna's Regierung. Mit grollender Seele beugte fich die altruffifche Ariftotratie unter die fcwere Sand des Gunftlings; fie richtete ihre Blide auf Peters jungfte Tochter Elisabeth, fo fehr die Baremna durch ihre Sittenlofigkeit und ihren anftogigen Lebensmandel ihren Stand ichandete. Unna und Biron legten ben Ausschweifungen ber Raisertochter nichts in ben Beg; je tiefer fie fant, befto weniger gefährlich erschien fie ihnen; als aber ihr Liebhaber Schubin, Sergeant vom Semenowichen Garberegiment fich unborfichtige Aeußerungen erlaubte, wurde er gefoltert, mit ber Rnute gezüchtigt und nach Ramt-Die Thronerledigung in Polen und der neue Turkentrieg icatta berbannt. wurden von Biron ju einem Bundniß zwischen Rugland und Defterreich benutt und trugen ibm die Burbe eines beutschen Reichsgrafen ein. Ihrem bereinten Einfluß verbantte ber Aurfürst August III. ben polnischen Thron; und in bem Rrieg gegen die Türken und Tataren, ben wir spater fennen lernen werben, entwidelte Munnich ftrategifches Gefchid und fuhnen Unternehmungsmuth, fo daß die ruffischen Soldaten ihn Sotol, den Falten nannten und als die "Saule des ruffifchen Reiche" bezeichneten. 3mifchen ben Festungelinien und Schanzwerten, welche die füdliche Reichsgrenze Ruflands gegen feinbliche Ginfalle fcugen follten, und dem schwarzen Meere mit der Arimschen Salbinfel lag eine unbebaute baumund wegelose grune Bufte, "in der nur die wenig gablreichen Rogaier Tataren mit ihren Heerden herumzogen, in der das oft mannshohe Gras den Marfc eines Seeres, befonders ber Fuhrwerte, vielfach hinderte und die wenigen Brunnen bem Bedarf einer Armee nur fur Stunden genügten." Erot biefer Schwierigkeiten brang Munnich in bas Ruftenland bor, eroberte Afom gurud, erfturmte die Linien von Peretop, jog in die Krim ein, eroberte Oczatow an der Mündung bes Oniepr und julest nach ber flegreichen Erfturmung des turtischen Lagers bei bem Dorfe Stamutschane bas feste Choczim am Bruth; und Aug. 1789.

wenn auch ber von Raifer Rarl VI. mit ber Pforte abgeschloffene Friede von Belgrad die Ruffen nothigte, die Eroberungen wieder berauszugeben, in die Schleifung ber Festungswerte von Afow und in eine wenig gunftige Grenglinie ju willigen und ju geftatten, daß das schwarze Meer noch ferner als ein "gefoloffenes Binnenmeer unter turtifder Bobeit" ertlart marb; fa batte boch Munnich den Beg gezeigt, wo Rugland feine Grenzen ausbehnen tonne.

Benn man aber in Petersburg gehofft hatte, die auswärtigen Ungelegen-

Confpira torifche Um

triebe beiten wurden einen nationalen Gemeinfinn erweden und die Difftimmung zerstreuen; so irrte man. Der altrussischen Partei lag wenig baran, bag ber Bertebr mit bem Auslande durch Erwerbung der Seefuften und Safenorte erleichtert werde; sie brachte nur die unermeglichen Berlufte an Mannschaft in Anschlag, welche burch die fühnen Rriegsoperationen des fremben Relbmarfchalls ben ruffichen Beeren augefügt murben und neue Refrutirungen nothig machten, fie berechnete nur die hoben Rriegstoften, welche burch die barte Eintreibung ber laufenden und rudftandigen Ropffteuer aufgebracht werden mußten. conspiratorischen Umtrieben ruffischer Malcontenten mit ber Aristofratie in Stodholm und mit der Pforte auf die Spur getommen; ber ichwebische Major Sinclair, ber als Bwifchentrager biente, mar auf Beranftaltung Birons und bes Biener Cabinets auf turfachfischem Gebiet überfallen, seiner Schriftftude beraubt und fogar, mas vielleicht nicht beabsichtigt mar, ermordet morden. sollte als Raiferin ausgerufen, Anna sammt ihren fremden Rathen gefturzt werden; der Umftand, daß die kinderlose Barin ihre Richte Anna Beopoldowna, Die Tochter ihrer verftorbenen Schwefter in Medlenburg nach Betersburg tommen ließ und fie mit Anton Ulrich von Braunschweig-Bevern, einem naben Berwandten bes habsburgifchen Saufes vermählte, in der Abficht, ihr die Thronfolge auguwenden, vermehrte die Ungufriedenheit und die conspiratorischen Umtriebe. Ott. u. Nov. Aber die Argusaugen der "geheimen Ranzlei" entdedten die Schuldigen und neue blutige Strafgerichte fällten die Baupter ber altruffischen Bartei. Bassily Lukitsch Dolgoruky und seine zwei Söhne wurden in Rowgorod hingerichtet, ber ehemalige Gunftling Iwan fogar geradert; Graf Bolynsty, ein talentvoller aber gefährlicher Mann von bunfler Bergangenheit, welcher nicht zufrieden mit der hoben Stellung eines Cabinetsminifters, zu ber er allmablic aufgestiegen war, in seinem verwegenen Chraeis noch nach Soberem ftrebte, ftarb

Anna's Sob und Birons

eingefertert ober verbannt.

Im Ottober 1740 fiel die Raiserin in eine Krankheit, die bald eine solche Stury. Bendung nahm, daß teine hoffnung jur Genefung mar, obwohl Anna taum fiebenundvierzig Jahre zählte. Da trat Biron mit einigen Bertrauten, unter benen ber verschlagene General Beftuschem fich befand, vor das Siechbett und bewog die tranke Herrscherin, daß fie nicht ihre Richte gleichen Ramens, sondern beren erft einige Bochen alten Sohn Iman zur Rachfolge im Reich berief. Auch

als Berrather und Aufruhrstifter auf bem Sochgericht; gabllofe andere murben

bem Borfdlag, bag mabrend beffen Minderjahrigfeit Biron, Bergog von Rurland die Regentschaft führen follte, gab fie ihre Buftimmung. Um 28. Ottober ftarb die Raiferin und fofort übernahm ber Gunftling bas hohe Unit. glaubte feiner Sache gang ficher au fein. - Batten benn nicht bie erften Burben. trager und Abelsbaupter auf Bestuschems Betreiben ibn aum Regenten begebrt? Selbst Oftermann hatte nicht zu widerstehen gewagt. Die Berzogin Unna und ihr Braunfcmeiger Gemahl, zwei unbedeutende Perfonen von geringen Gaben, fügten fich, wenn auch widerwillig in die untergeordnete Stellung. Aber ber entichlossene Feldmarichall Munnich, welcher wußte, wie tief verhaßt der übermuthige thrannische Emportommling bei allen Standen mar, bewirfte burch einen Staatsftreich einen revolutionaren Umschwung. Er ließ in ber Racht burch bie Preobrafchensthiche Garbe ben Bergog-Regenten in feinem Balafte verhaften und nach Schluffelburg bringen, worauf Anna Leopoldowna als "Groffürstin" bie vormundschaftliche Regierung übernahm, ihren Gemahl Anton Ulrich zum Oberbefehlshaber ber Landarmee und ben Grafen Münnich zum "Bremierminifter" ernannte. Biron wurde von einer besondern Gerichts-Commission, welche aus denselben Mannern bestand, die ihn vor Aurzem von der sterbenden Raiserin jum Regenten erbeten hatten, als Staatsverbrecher jum Tobe verurtheilt, ein Spruch, ben die Großfürftin Regentin in ewige Berbannung nach Sibirien mit Berluft feines Bermögens und aller Burben und Aemier verwandelte, Raiferin rubte erft brei Bochen in ber Gruft, als ihr Gunftling von ber Bobe der Macht berabgesturat war und mit seiner Familie in einem fibirischen Rerter ichmachtete.

Aber die neue Ordnung war ohne Dauer. Um Bofe wie im Cabinet Iman und bie herrichte Broietracht und Leibenschaft. Die Großfürftin-Regentin war trage und 1740-41. unselbständig; ohne Buneigung für ihren Gemahl wendete fie ihre Gunft bem fachfifden Gefandten, Grafen Spnar zu, ben fie, um feines Umgangs besto ungescheuter genießen au tonnen, mit Julie Mengben, ihrer liblanbischen Sof-Munnich aber, ber fich eine dictatorische Gewalt anmaßte, dame verlobte. lebte nicht nur mit bem Sofe und ben einflugreichen Gesandten von Sachsen und Defterreich, Lynar und Botta, in ewigem Baber, fonbern auch mit Oftermann und andern Mitgliedern des Cabinets, fo bas, als bei Ausbruch des ofterreichischen Erbfolgefriege eine feinen Unfichten wiberftrebende Politit ergriffen ward, er seinen Abschied forderte und erhielt. Aus altem Groll wider Desterreich wunschte Munnich nämlich ben Unschluß an Breußen, mabrend Oftermann, Die Regentin und der Herzog Anton Ulrich für Maria Theresia Bartei nahmen.

Diefe Bermurfniffe begunftigten einen neuen Staatsftreich, bei bem ber Die Balaftfrangofische Gesandte La Chétardie insgeheim seine Sand im Spiel hatte. war der Parifer Regierung febr viel daran gelegen, daß Rugland nicht mit der "Ronigin von Ungarn" gemeinsame Sache mache. Sie wünschte baber bas "Fremden-Regiment", das der Mehrheit nach zu Defterreich neigte, zu beseitigen

Es pom Decems

oder doch durch innere Angelegenheiten so sehr zu beschäftigen, daß eine kriegerische Action an der Donau unmöglich ware. Bu dem Ende wurde der Gesandte in Stand geset, durch Geldssenden ein Complot ins Leben zu rusen, und zugleich die schwedische Oligarchie veranlaßt, in den baltischen Gewässern Feindseligkeiten gegen Rußland zu beginnen, um wie ein an das russische Bolk gerichtetes Manischt verkündete, "die russische Kation von dem unerträglichen Ioch und der Grausausseit zu befreien, mit der die fremden Minister seit geraumer Zeit die russischen Unterthanen unterdrückt hielten." Man hosste in Stockholm die verlornen Provinzen über der Osisse wieder zu gewinnen. Die schwedischen Bassen hatten jedoch kein Glück; das russische Heer socht siegereich unter der Führung des Irländers Lasen, des Schotten Reith und des Danen Löwendal. Die Schlacht Inders Lasen, des Schotten Reith und des Danen Löwendal. Die Schlacht werden Beillmanstrand entschied gegen die Schweden. Um so erfolgreicher waren die conspiratorischen Umtriebe im Innern. In dem Augenblick, da Anna mit dem Gedanken umging, sich zur Kaiserin ausrusen zu lassen, gelang es den Intriguen

und Berführungstunften einiger Berschwornen in der Umgebung der Kaisertochter Elisabeth, an deren Spipe ihr Leibarzt Lestocq, ein im Hannöverschen geborner Abkömmling einer reformirten französischen Flüchtlingsfamilie, der Kammerjunker

Boronsow und einige Bedienstete standen, eine Palastrevolution zu Stande zu bringen, welche die jüngste Tochter Peters des Großen auf den russischen Thron führte. Mit Hulfe der Preobraschenskhischen Garde, welche Elisabeth durch Gemeine Bertraulichkeit gewonnen hatte und in einer dunkeln Decembernacht auk der Raserne nach dem kaiserlichen Binterpalast berief, wurde der Staatsstreich vollendet, der Elisabeth Petrowna auf den Thron, die disherigen Machthaber ins Elend führte. Senat, Spnod und Generalität gaben ihre Zustimmung ohne

Widerstand. Iwan wurde nun nach Schlüsselburg gebracht, um in einem engen Kerker ohne Tageslicht sein elendes Dasein zu fristen, während seine Eltern zu Cholmogor im hohen Norden ihr Leben vertrauern mußten. Dort wurde Anna Leopoldowna fünf Jahre später in einem Alter von achtundzwanzig Jahren durch den Tod erlöst. Münnich, Ostermann, Golowkin und andere hochgestellte Männer, die bisher das öffentliche Leben geleitet, wurden als "Staatsverbrecher"

burch ein Ausnahmegericht jum Tobe verurtheilt und erft auf bem Schaffot jur

Spruch, daß bom Capitol jum tarpejifchen gelfen nur ein Schritt fei, und biefe und

Die Katas Beide hochverdiente Manner kehrten nicht mehr aus dem Ezil, Oftermann starb Beterebur nach sieben Jahren im Elend, der eiserne Feldmarschall Münnich trug sein hartel ger dof. Schicksal noch zwanzig Jahre mit heroischer Fassung. Biron durfte zurückschren und lebte fortan mit seiner Famille in leidlicher Berbannung zu Jarostaw, bis ihm nach dem Tode der Elisabeth das Herzogthum Aurland, wo mittleeweile Augusts dritter Sohn, Prinz Karl unter rufsischer Schuhherrschaft regiert hatte, in Folge einer neuem Bahl der Ritterschaft zurückgegeben ward. Es wird erzählt, in Kasan wären die Schlitten an einander vorbeigefahren, welche die alten Todseinde den einen westwärts, den andern ostwärts führten. Wehr als irgendwo bewährte sich in Rukland der alte

Berbannung nach Sibirien begnabigt.

die folgenden Borgange im Berricherpalaft ju Betereburg berechtigten ju bem ichred. lichen Urtheil: "die ruffische Berfaffung ift bespotisch, aber durch den Meuchelmord gemildert." La Chetardie tam bei bem neuen Raiferhof ju Gunft und Ginfluß und die Urheber und Belfer bei dem gelungenen Staatsftreich murden belohnt und ausgezeichnet. Aber auch Leftocq erfuhr in der Folge die Bandelbarteit des Schicffals. Als er mabrend ber Rriege zwischen Defterreich und Breugen, die wir bald tennen lernen werden, im Intereffe des Berliner Sofes wirfte, wurde er gefturgt und von der undantbaren Raiferin nach Sibirien verbannt, worauf der vielgewandte rantereiche Beftufchem die Regierung im öfterreichischen Sinne leitete, bis ein neuer Thronwechsel auch einen

neuen politifchen Umfcwung herbeiführte.

Unter der Raiferin Glifabeth, beren Sang zu Bolluft und rober Sinnlich- Raiferin feit wir schon früher angedeutet haben, erreichte die Unfittlichkeit am Betersburger 1741-1762. Raiferhof ben bochften Gipfel und bas Lafter, bas bisher noch einen Schleier vorzuziehen gesucht, zeigte fich bon nun an ohne alle Bulle in seiner natürlichen Baglichfeit. Bie in Franfreich ein Matreffenregiment die Boblfahrt und bie fittlichen Grundlagen des Staates unterwühlte, fo in Rufland eine Favoritenberrichaft. Die Finanzen geriethen in Unordnung, der Bohlftand fant, alle gemeinnüßigen Anftalten berfielen. Elifabeth Betrowna überließ fich und bas Reich ihren Gunftlingen und folgte felbft in den wichtigften Augelegenheiten ihren Leidenschaften. Uebungen andachtelnder Frommigfeit waren bei ihr mit Sinnenluft und Ausschweifungen verbunden.

### 3. Polen und Stanislaus Leschinski.

Auch mit Bolen ichloß die schwedische Regierung Frieden und erkannte ben Bolen unter Sachsen-Aurfürsten als Ronig an. Doch sollte Stanislaus, dem Rarl XII. in seinem pfälzischen Erblande Zweibruden eine Zufluchtestätte gewährt hatte, den Ronigstitel fortführen durfen und für feine eingezogenen Guter eine Million Gulden erhalten, eine Bedingung, die fehr mangelhaft zur Ausführung tam. Rach dem Tode seines Gonners siedelte Stanislaus, da er fich als eifriger Ratholit und Besuitenfreund mit dem calvinischen Herzog von Pfalg-Rleeburg, dem Reffen und Erben Rarle XII. nicht vertragen tonnte, nach bem Stadtchen Beißenburg im Elfaß über, bis er durch ben Bang ber Dinge nochmals auf die Schaubuhne bes politischen Lebens geführt mard. — Rach seiner Biedereinsetung in Bolen machte August II. von Reuem ben Bersuch mit Bulfe feiner Sachsen und Bundesgenoffen bie polnische Ronigsmacht zu heben, ber Abels. republit ein mehr monarchisches Geprage, ber Krone mehr Macht und Autorität au geben. Aber fein Borhaben scheiterte an bem Biberstand ber Magnaten. Eine allgemeine Confoderation zwang ibn, die sachsischen Truppen aus bem Reiche au entfernen. Defto beffer gelang fein Beftreben, burch Ginführung eines gefteigerten Lugus und Sittenverderbniffes fich ben Abel mehr zu eigen zu machen und ben friegerischen Sinn zu brechen. Die von Baris nach Dresben, von Beber, Beltgefdichte. XII.

Dresten nach Barfchan vervflanzte Brachtfiebe, Schwelgerei und Ueppigleit gerstörte die lette fittliche Kraft unter dem polnischen Adel und wirfte um fo nachtheiliger, ale außere Berfeinerung mit innerer Robbeit und finnlicher Erregbarteit gepaart mar. Bestechlichfeit wurde nunmehr so allgemein, daß sie aufhörte, ein entehrendes Lafter an fein; von der europäischen Cultur, die in allen andern Landern Riefenschritte machte, nahm Bolen nichts an als ben außern Kirniß, den Beibereinfluß und die burch Grundung des weißen Ablerordens genahrte Sitelfeit und Soffahrt, und mahrend in gang Europa bas geiftige Streben auf religiofe Aufflarung und Abstreifung ber Confessionsunterschiede gerichtet war, gesellte fich in Bolen zu ben übrigen Gebrechen and noch Berfolgungefucht gegen Anderebenfende. 3m Biderfpruch mit bem Frieden von Oliva (S. 614) suchte die von den Jesuiten geleitete Adelsarifiotratie den Diffibenten, welche die geiftlichen Bater als Anhanger ber Schweben gu verbachtigen wußten, die feit zwei Jahrhinderten genoffenen firchlichen und burgerlichen Rechte 1717. ju entreißen. Ein auf einem außerordentlichen Reichstag berfaffung &widrig burchgeführtes Gefet verbot ihnen Rirchen zu bauen; und als in ber protestantifchen Stadt Thorn der allgemeine Sag gegen die friedenflorenden Umtriebe der 1724. Befwiten fich in einem Bollsaufstand wider bas Sesuiten-Collegium Luft machte. bewies ber Orden feine Dacht burch die furchtbare Rache, die er an dem Dagiftrat und ber Stadt nahm. Die beiden Burgermeifter Rosner und Bernecke nebft mehreren der angesehensten Burgen ftarben auf dem Schaffot, die Sauptfirche mußte ben Ratholifen eingeraumt werden, und nur burch Entrichtung einer hoben Entschädigungesumme vermochte die Bürgerschaft endlich ben Groll ber Rater gu verfohnen. "Das ungerechte Blutgericht von Thorn mar ein flarer Betbeis, wie wenig Schonung und Menschlichkeit die Jesuiten nothig zu haben glaubten." Aury bor dem Tobe Friedrich Augusts II., ber ju Gunften feiner ehemaligen Glaubenegenoffen feine Schritte ju thun magte, um nicht ben Schein einer gebeimen Anhanglichkeit an Luthers Lehre auf fich zu gieben, wurden alle Diffibenten burch Reichstagsbeschluß sowohl von ber Nationalreprasentation als von allen Staatsamtern ausgeschloffen. Bar es unter biefen Umftanben au verwunbern, daß die unterdrudten und rechtlos gestellten Afatholifen in Polen ihre hoffenden Blide auf Rufland richteten, bas diefe Bwietracht zu feinem Bortheile ju benuten verftand? Und bennoch vermochte Ronig August nicht, bas Bertrauen und die Zuneigung ber Polen gewinnen. Die Ration liebte ibn nicht, "fo große Summen er auch an fie berschwendete und fo feht er auch nach manchen feiner perfonlichen Gigenschaften zu einem Ronig von Bolen recht gemacht zu fein

Ansteface Als der Anrfürst-König August II. unter ben Borbereitungen zu neuen Konigswahl.
1. Bebr. 1738. großen Festlichkeiten aus dem Leben abgerusen ward, traten in Polen wieder die alten Wahlstürme ein. Wie erwähnt hatte der hetrschsichtige und leichtstürnige Monarch viele Gegner, biese tvaren nicht geneigt, dem Sohne des Berstot-bernen,

ichien."

bem auf einer Reise in Italien gleichfalls zur tatholischen Rirche übergetretenen Aurfürsten Friedrich August von Sachsen, Die väterliche Berrichaft zu übertragen; fie bildeten eine Conföderation und gaben fich das Wort, nur einen Gintebornen (Biaften) ju mablen. Unter biesen Umftanden fiel es ber frangöfischen Regierung, für welche die Bolen von jeher große Sympathien begten, nicht gar fcmer, burch Geld und Intriguen die Mehrheit der Bahlberechtigten, vor Allen den Kürften Primas Potocfi, gu bestimmen, bag fie ben ehemaligen Ronig Stanislaus Led. ginsti wieder auf ben Thron riefen. Bir miffen, welche Schickfale biefer Fürst nach dem Umschwung der Dinge in Polen erfahren hatte, bis die Bermählung seiner Cochter mit Budwig XV. von Frankreich ihn aus aller Roth befreite. Erop ber Bemuhungen Defterreichs und Ruglands, die fur ben fachfischen Bewerber einftanden, theils um Frankreichs Ginfluß von Polen und Deutschland fern zu halten, theils weil ber neue Rurfürft beiben Sofen Erfüllung ihrer Bunfche in Aussicht ftellte, dem ruffischen die Belehnung Birons mit der Berjogswürde in Rurland, dem öfterreichischen die Buftimmung zu Rarls VI. pragmatifcher Sanetion; wurde Stanislaus von der Mehrheit der polnischen Adels. gemeinde auf dem rechtmäßigen Bahlfelde zu Bola als Rönig ausgerufen. 18. Sept. 1733. Aber auch die Anstrengungen, welche Desterreich, Rugland und Sachsen gemacht, waren nicht erfolglos geblieben. Fünfzehn Senatoren und etliche hundert Abelige hatten fich bereit finden laffen, bem deutschen Bewerber ihre Stimmen gu geben. Unter bem Gindrud eines ruffifchen Beeres, das General Lasen nach ber Borftadt Braga führte, mahlten fie einige Bochen spater an einem andern Orte den fach. 5. Ott. 1758. fischen Aurfürsten Friedrich August zum Ronig von Polen.

So war denn in der Republit wieder einer jener Bahlcouflitte eingetreten, Stanistaus in Dangig. bei benen das Schwert und das Ausland die Entscheidung geben mußten. Bie friedfertig immer bas Minifterium Fleury gefinnt mar; es fonnte ben Schwiegervater bes Königs, ber auf bie Runde von feiner Bahl nach Barfchau aufgebrochen war, bei feiner gerechten Sache unmöglich im Stiche laffen. Im Bertrauen auf frangofifche Gulfe hatte fich Stanislaus in die Mitte feiner Anhauger begeben. Aber Frankreich war fern und Rugland nahe. Bahrend Fleury mit Spanien und Sardinien einen Rriegsbund ichlof und auf die Beigerung des Raifers, bie polnische Ronigsmahl anzuertennen und dem fachfischen Mitbewerber jeden Borfdub gu verfagen, feine Sauptangriffe gegen Defterreich richtete, frangoffifche Seere über die Alpen und an ben Abein ruden ließ und erft im nachften Frühjahr einige Schiffe mit Bewaffneten nach dem nördlichen Ariegsschauplat fcidte, war in Barfchau Stanislaus' Schidfal icon entichieben. Außer Stande mit feinen polnischen Unbangern ber bon ruffischen Beeren unterftutten Gegenpartei erfolgreich wiberstehen zu konnen, hatte er sich nach Danzig gezogen, wo Deibr. 1733. er nicht nur an der Burgerschaft und an der festen gunftig gelegenen Stadt einen geficherten Rudhalt fand, fondern auch der frangofischen Bulfe naber mar. Allein weber bie eigenen Kriegemannschaften, Die feiner Fahne folgten, noch Die geringen

Mai 1794. frangofischen Gulfstruppen, die endlich im Mai in dem hafen von Danzig anlangten, maren ben ruffifchen Beeren gewachsen, mit benen ber Feldmarfchall Munnich por bie Mauern ber Seefestung rudte. Rach einigen Befechten fab fich Stanislaus zum Abzug genöthigt, er floh in Bauerntracht nach Ronigsberg, von wo er fich durch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nach Frankreich rettete; die fran-Buni 1784. gofischen Eruppen murben in Rriegsgefangenschaft geführt, Die Stadt Dangig aur Ergebung gezwungen und für ihre Treue fcmer gezüchtigt.

> Ronig Friedrich Bilbelm leiftete ber flucht bes Bolentonigs Stanislaus um fo bereitwilliger Borfcub, als er einfah, bas ihn bas Betersburger Cabinet getauicht habe. Um ibn von der gegnerischen Seite fern zu halten, hatte man ihm nämlich in Musficht geftellt, bag Rurland einem preußifden Bringen verlieben werden follte, mabrend

Erweiterung

bod Biron bafür bestimmt mar. Run konnte ber fachfische Rurfürft als Ronig August III. von der polnischen bes Kriegs Rrone Besit nehmen. So rasch sollte jedoch die angesachte Kriegsstamme nicht gelofcht werden. Allmählich maren faft alle europäischen Staaten aus verschiedenen Gründen unter die Baffen getreten, und es entspann fich ein Rachspiel ber beiben großen Rriege, welche bas achtzehnte Sahrhundert eingeleitet batten. Allein wie die Beerführer felbst, die bei biefer Gelegenheit noch einmal auf dem Rriegeschauplay erschienen, Bring Eugen und Mercy, Billars und Berwid nur noch die Schatten ber früheren Belbengestalten maren, fo trug auch ber gange Rrica einen fleinlichen geringfügigen Charafter. Frankreich mar blos bedacht, Defterreich nicht allzu mächtig werden zu laffen und am Rhein und in Oberitalien den alten Ginfluß berguftellen; Rugland fuchte die Republit Polen mehr und mehr in vaterliche Bucht zu nehmen und in den Beichfel- und Dungebieten feine Berrichaft und feinen Ginfluß zu befestigen; bas beutsche Reich wollte fic ben murben Rand feiner weftlichen Grenglande nicht noch mehr gerbrodeln und abstoßen laffen : Spanien strebte nach Biebergewinnung der schönen italienischen Befitungen, die das Utrechter Friedenswert von der alten Monarchie losgeriffen; Sardinien hatte in den früheren Rriegen fo gludlich mitgespielt, follte es nicht ben Bersuch wiederholen, neue Gewinnste einzuthun, die Sabsburger aus dem Mailandischen au verdrangen? Um Rhein mar ber alte Reldmarichall Eugen, ber den Oberbefehl über die Reichstruppen führte, nicht im Stande, die Franjofen bom Ueberschreiten des Stromes, von der Befegung Rehls und Philippeburge abzuhalten. Früher so rasch entschlossen war er nun bedächtig und unficher geworden, und das murrifche und ftorrifche Befen bes alten Gelben war nicht geeignet, die awietrachtigen und habernben Anführer ber Reichsarmee au einem verftändigen, planmäßigen Busammenwirten zu vereinigen. Bubem batte die Buficherung des frangofischen Ministers, daß er gegen das Reich nichts Feind. seliges im Schilde führe, und ber Befehl an die Armee, bag gegen die alten Freunde bes Berfailler Bofes mit ber größten Schonung vorgegangen werden solle, die Kriegsluft bedeutend berabgestimmt. Die Gewaltthatigkeiten, welcht

die brandenburgischen Reichstruppen in Franken, andere Soldatenhaufen an andern Orten verübten, waren auch nicht banach angethan, bie alten Berbundeten Frantreichs, vorab die Bittelsbacher in Roln, in ber Pfalz, in Baiern für Raifer und Reich zu begeiftern.

Um nachdrudlichsten wurde der Rrieg in Italien geführt. Man war erstaunt, Italienifche bas bas bourbonifche Spanien noch einmal eine Energie entfaltete, die an frubere gange. Sahrhunderte erinnerte. Rach dem Bruch des fpanisch-öfterreichischen Bundniffes mar die Rolle Ripperda's ausgespielt; er begab fich nach Marocco, wo er in großer Durftigfeit ftarb. Un feine Stelle trat Batinho, ber wieder ju Alberonis Politit jurud. kehrte, aber mit mehr Rube und Sicherheit zu Berte ging und weniger ins Beite fcweifte. Durch feine Thatigleit murden beer und flotte in folden Stand gefest, das die Spanier im Bunde mit Frankreich und Sardinien bald allenthalben das Uebergewicht in ber Salbinfel erlangten. Es murbe fruher ermahnt, welche Erfolge bas fpanifc bourbonifche Saus davontrug : die Rriegsoperationen des Infanten Don Carlos und bes Marquis von Montemar in Reapel und Sicilien murben begunftigt durch die Sympathien der Bevolkerung fur die alte fpanische Berrichaft, durch die Unfahigfeit und Meinungsverschiedenheit der Beerführer und der obern Regierungsbeborben , burd bie Berfahrenheit ber öfterreichifden Politit. Gin taum zweijahriger Rrieg ohne eine einzige größere Schlacht, ohne bedeutenbe Anftrengungen ober Bechfelfälle führte Beranderungen in ben politischen Staatenberhaltniffen herbei, wie fie fonft nur die Folge erschütternber Greigniffe und Baffenthaten ju fein pflegen.

Die Staaten und Berricher maren mude geworben, feitbem die alte Bene- Ausgang bes ration aus der Belt geschieden war ober dem Grab nabe ftand, und fehnten fich nach Rube. Um Frankreich, bas am Rhein und in Oberitalien bie öfterreichischen Befitungen am meiften bedrohte, vom Rriege abzulenten und feinen Beitritt gu der pragmatischen Sanction zu erlangen, brachte Raifer Rarl VI. große Opfer. Bir haben die politischen Berhaltniffe, welche burch ben Biener Praliminar, 3. Det. 1735. frieden geschaffen wurden, jum Theil an andern Orten bereits tennen gelernt. Der Biener hof willigte ein, bag Frang Stephan, Bergog von Lothringen, ber fich bald barauf mit der Raifertochter Maria Therefia vermählte, feinem Erbland au Gunften bes Polentonigs Stanislaus Lesczinsti entfagte mit ber Bebingung, bag ihm bei bem bevorftehenden Aussterben bes Mediceischen Saufes bas Berzogthum Toscana zu Theil werbe. Rach bem Tobe bes Konigs Stanislaus follte bann bas gunftig gelegene Bergogthum Lothringen und Bar an die frangofifche Rrone fallen. Das Ronigreich beiber Sicilien, bas mit fpanischen Baffen und Schiffen erobert worden war, follte bem Infanten Don Carlos für fich und feine Rachtommen als felbständiges Reich überlaffen bleiben, jedoch unabhangig von ber spanischen Rrone. Dennoch mar ber Madriber Gof nicht zufrieden; Die Ronigin Elisabeth hatte auch noch Toscana fur ihr Saus gewinnen wollen.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weigerte fich lange bie Biener Praliminarien anzuertennen und auf bas icone florentinische Land ju verzichten. Erft als fie einsah, bag Bleury durchaus ben Frieden wolle, daß Spanien und Sardinien allein nicht gegen die taiferlichen Streittrafte auftommen tonnten, fügte fie fich in die

Rothwendigfeit. Auch Rarl Omannel, ber bas Bergogthum Mailand als Breis feiner Mitwirfung babon zu tragen hoffte, mußte fich mit einer geringeren Beute begnügen. Er erhielt Novara und Cortona und fpater noch fiebemundfungig gunftig gelegene Reichsleben. Außer Frankreich hatte Riemand mehr Urfache gur Bufriedenheit über diefes Abkommen als Stanislaus, fur beffen fanfte, menschenfreundliche Gemutheart und energielose Natur die neue Berrichaft viel mehr geeignet war als ber Schattenthron in einer von burgerlichen Sturmen umtoften Abelerepublit. Balb barauf ftarb ber lette Mediceer und nun konnte die Biener Uebereinkunft in einen befinitiven Frieden verwandelt werden. So wurde ein beutsches Reichsland ohne Mitwirfung ber Fürsten und Stanbe an 1736. Frankreich abgetreten. Der Reichstag, beffen Einwilligung man nachträglich ber Form wegen einholte, bantte bem Raifer für feine "Fürfichtigkeit in biefem fo nothigen als nuglichen und beilfamen Friedensgeschaft" und bem Bergog bon Lothringen für feine "aus Friedensliebe gefaßte großmutbige Entfagung". Frantreich aber erlangte ohne alle eigenen Opfer bas icone Bergogthum, nach bem es feit zwei Sahrhunderten getrachtet hatte. Doch erft durch den Frieden von Luneville murden die letten Berbindungsfaden Lothringens mit dem deutschen Reich zerschnitten. - Roch neunundzwanzig Jahre regierte hierauf Stanislaus, ein großer Gonner ber Jesuiten, mit dem Titel eines Ronigs in Luneville und Rancy, geliebt und geehrt bon feinen Unterthanen, ein Boblthater ber Armen, ein Beförderer der Runfte und Biffenschaften, ein Berschönerer der lothringischen Stadte. Bolen bagegen ging unter Friedrich August III. seiner völligen Auflofung ent-1736. gegen. Der sogenannte Pacificationereichstag erflarte jeben für infam ober vogelfrei, ber fremde (alfo and fachfifche) Beere ohne besondere Bewilligung ber Republit ins Ronigreich führen wurde, und verscharfte aus Beforgnis, ber Ronig möchte für ben Glauben seiner Jugend noch einige Reigung haben, die harten Diffibentengefege. "Raum follte man überhaupt ein Regentenleben diefer Art, wie Konig Auguste III. war, eine Regierung nennen; benn ber regiert boch nicht, ber blos burch fein torperliches Dafein wirft? Mighelligfeiten ber großen Familien arteten unter ihm bis zu wahren Fehben aus. Die robeste Uncultur bes Mittelalters berrichte unter bem allgemeinen Saufen ber Ration, und die Großen, beren einzige Cultur oft taum nur aus Reisen nach Frantreich entsprang, tonnten felten Batriotismus ober mahren Charatter haben; benn wie follte Batriotismus ober fraftvoller Beistescharafter bei der Erziehung entstehen, die fie gewöhnlich genoffen, ober bei ber eitlen, unthatigen, schweigerischen Lebensart fic erhalten, die unter ben Ebelften ihrer Urt fast allgemein berrichend mar!" Da

ber Ronig und sein Minister Brubl stlavisch um Rußlands Gunft bublten, se wurde ber Einfluß dieses drobenden Rachbarstaates immer machtiger in Barichau

#### 4. Der öfterreichifch-ruffifche Carkenkrieg und der Belgrader frieden.

Der Bund zwischen Rugland und Defterreich behufs ber polnischen Ronigs. Urfbrung mahl dauerte noch fort, als August III. bereits sicher auf dem Thron faß. Er trat aufs Reue in Birtfamteit, als die Feindseligkeiten ber Ruffen und Tataren, beren wir früher Ermähnung gethan und die feitbem nie gang aufgehört batten. ju einem neuen Turfentrieg führten. Die Schutherrlichkeit ber Bforte über bie friegerischen Bolterftamme, welche die Balbinfel Rrim und die Ruftenlander im Rorden des schwarzen und des faulen Meeres bewohnten, mar nur eine Schattenhoheit: Die Befehle des entfernten Großberrn in Ronstantinopel wurden von dem Aban ber Tataren fo wenig befolgt, als feine eigenen von den berumftreifenden Rauberhorden. Die Rlagen über Gebietsverletungen durch feindselige Ueberfalle waren baber von Seiten der Ruffen eben fo baufig und gegrundet als es ber Pforte unmöglich mar, ihnen abzuhelfen. In diefen Grengfehden lag ein Bundftoff verborgen, ber ftets jur Rriegsflamme entfacht werden tonnte. Bir miffen, baß feit Betere bes Großen Tagen die Rrjegepolitit ber Ruffen barauf gerichtet war, Diefe Landstriche mit ben gunftig gelegenen Seeluften ihrem Reiche beizufügen, die tatarifchen Sirten- und Reitervölker in ein abnliches Berhaltnik jum großen Baren von Mostau und St. Betersburg ju fegen wie die Rofaten in der Ufraine und am Don. Und tonnte ein geeigneterer Beitpunkt gur Ausführung diefes Planes gefunden werden? Die Turtei ericopft burch die Berferfriege und im Innern gebrochen burch Aufftande und Migregierungen : Rugland bagegen im Bunde mit Defterreich, Meifter in Bolen und unter einem Regimente, bei dem erfahrene und tluge Staats- und Rriegsmanner, wie Oftermann und Munnich bas enticheidende Bort führten.

So konnte es denn den ruffifchen Baffen nicht an Trophaen fehlen; auch Die Belbinge ift es uns bereits befannt, welche Erfolge die Beere erlangten, als Munnich Dezakow eroberte und Lasch nach ber Rrim vordrang. Die Erfolge ber Ruffen, bie mit Blut und Gifen in das feindliche Gebiet einbrachen, über Leichenhaufen Die Mauern und Balle erstiegen, maren noch viel bedeutender gewesen, ja die Barenherrichaft hatte vielleicht ichon bamals an ben Mündungen bes Oniepr und bes Oniester und auf der Landenge von Berefop aufgerichtet werden tonnen, mare bas verbundete Desterreich mit gleicher Energie aufgetreten, wie in ben Tagen Gugens. Allein mit der Leiche des großen Feldmarichalls, der am 21. April 1736 in feinem Biener Brachtichloß aus bem Beben geschieden, mar auch die ftrategische Aunft und ber Rriggeruhm früherer Tage zur Gruft getragen worden nud es fehlte im Rriegerath und im faiferlichen Minifterium an einer Berfonlichkeit, die durch ihre geistige Ueberlegenheit und Autorität die gwietrach. tigen Clemente zu gemeinsamem Busammenwirten vereinigt batte. von ben Rehlern, die fich ber Dberbefehlshaber Graf von Seden borf, welchem ber faiserliche Schwiegersohn Frang von Lothringen gur Seite gestellt war, beim

Borruden in Serbien, fein Bogling ber unerfahrene Bring von Silbburghaufen in Bosnien und ber General Ballis in ber Ballachei zu Schulden tommen ließen, bestand auch teine Ginheit weber in der Beerverwaltung noch im Biener Cabinet. Man tonnte fcon bamals zwei Strömungen beobachten, von benen bie eine vom Raifer ausging, die andere von feiner Tochter Maria Therefia, und die nicht felten verschiebenen Impulfen folgten und verschiebene Richtungen einhielten; mahrend auf der andern Seite die Pforte fich des Rathes und der Unterftugung vieler frangofischen Offiziere erfreute, die in Berbindung mit Bonnebal bas Ds. manenreich eibilisatorischen Reformen entgegenzuführen trachteten und beren Ginfluß auf die strategischen Operationen bei ber Armee nicht zu verkennen mar. Juli 1797. Die öfterreichischen Beere, die fich ju tief in feindliches Land vorgewagt hatten, faben fich bald zu einem verluftvollen Rudzug genothigt; die Belagerung con Bibbin mußte aufgegeben, die gewonnene Feftung Riffa wieder geraumt werden; der Angriffetrieg verwandelte fich in einen Bertheidigungefrieg. In Bien gerieth man in Schreden : mahrend man Anfangs bon einer Erweiterung ber Reichs. grengen getraumt und aus bem fruchtbaren Saupte Alberonis bereits ein phantaftischer Theilungsentwurf über bie europaischen gandermaffen ber Turtei berporgegangen mar; fab man nun im Beifte bie Streiter bes Balbmonbes wieber bie Donau überschreiten und ihren Lauf nach ber Sauptstadt einschlagen. Man warf die Schuld auf die Anführer: General Dogat, welcher Riffa übergeben batte, wurde durch friegerichterlichen Spruch jum Tobe mit Guterberluft verur-Bebr. 1738. theilt und hingerichtet; ber Feldmarfchall von Sedendorf, Dheim bes offerreichischen Botichafters in Berlin, ber ichon als Ausländer und Lutheraner bie

ganze jefuitische und ultramontane Camarilla am Raiferhof gegen fich batte. wurde gleichfalls in Untersuchung gezogen und bis zum Tode Rarls VI. zu Graz in Saft gehalten. Bie fliegen jest die Anspruche ber Pforte! Der Friedenscongreß, ber bor bem Ausbruch bes Rrieges ju Rimirow auf polnischem Gebiete aufammengetreten mar, murbe aufgeloft und bem Marquis von Billeneuve, welchen Cardinal Fleury als bevollmächtigten Friedensvermittler nach Ronftantinopel gefandt, ber Bescheid ertheilt, daß bie Pforte in teinen Friedensschluß willigen werbe, wenn ihr nicht Temeswar und Belgrad gurudgegeben, Affon von den Ruffen geräumt und dem jungen Joseph Rakoczy, der nach dem Tode seines Baters von Bien entflohen war und fich unter ben Schut bes Sultans gestellt hatte, bas Fürstenthum Siebenburgen und Die Befigungen seiner Abnen in Ungarn guruderstattet murben.

Das Rriegs-

Bei folden Anspruchen tonnte bon einer Pacification vorerft teine Rede fein, baber benn mabrend bes Jahres 1738 ber Rrieg an ber Donau und in bem pontifchen Ruftenlande fortdauerte; auch Siebenburgen, wo Ratoezh mit einigen zusammengelaufenen Beerhaufen ben fleinen Bebirgefrieg eröffnete, mußte durch öfterreichische Truppen unter Lobtowip geschütt werden. Die erften Rach. richten vom Rriegsschauplat lauteten gunftiger : wie triumphirte man in Bien,

daß durch die Entfernung bes berhaften Sedendorf wieder ein befferer Geift in die Armee eingezogen fei ; daß der neue Oberbefehlshaber, Berzog Franz Stephan von Toscana die Rriegslorbeern des Baters auch um sein Saupt schlingen werde und die Feldherren, die ihm zur Seite ftanden, der Feldmarschall und Prafident des Hoffriegsraths Graf von Königsegg und die Generale Ballis, Reipperg und Sildburghausen ben verdunkelten Rriegerubm wieder herftellen wurden! Ueber Joseph Rakoczy und seine Anhänger wurde die kaiserliche Acht und der papfiliche Bann ausgesprochen, was auf ben ichmachlichen in ber Berehrung gegen die Rirche erzogenen jungen Fürsten solchen Eindruck machte, daß er noch vor Beendigung des Feldzugs im achtunddreißigften Lebensjahr ins Grab fant. Aber wie bald wurden die Siegeshoffnungen gedampft! Babrend die frango. fischen Friedensvermittelungen den Kriegsgang an der Donau lähmten, machten die Turten große Anftrengungen, um im nachsten Frubjahr mit bedeutenden Streitfraften ins Reld zu ruden und burch Baffenerfolge möglichft gunftige Bedingungen zu erzielen. Als Franz Stephan nach Wien zurudkehrte, tam ber Oberbefehl in die Bande des unfahigen, für Defterreichs Rriegeruhm wenig empfänglichen Feldmarschalls Ballis. Als diefer in Erfahrung brachte, daß ber Großwefir mit ber Sauptmacht, bei welcher fich auch ber jum Bascha ernannte Bonneval befand, durch Gerbien nach ber Donau borrude, feste er über den Strom und bot dem übermächtigen Feinde auf der ungunftigen Bablftatt bei Krogta eine Schlacht an. Sie dauerte einen ganzen Tag und endete trop ber 23. Juli tapfern Saltung ber öfterreichischen Solbaten, hauptfächlich in Folge ungeschickter Aufstellung der einzelnen Eruppentheile mit einer Riederlage. Rach großen Berluften an Todten und Bermundeten ordnete Ballis ben Rudzug über die Donau an und gab die Festungelinien von Belgrad ben Türten preis, die fofort gur Belagerung der wichtigen Grenzstadt vorgingen. Roch mare dieselbe zu retten gewefen, ba General Succow, ber mit einem namhaften Befagungsbeer Die Festung hütete und bald in General Schmettau einen geschickten und muthigen Gefährten erhielt, zur tapfern Bertheibigung entschloffen mar, wenn in den nachften Tagen von der Sauptarmee Entsahmannschaften zu Sulfe gekommen waren. Allein Ballis traf fo vertehrte militärische Anordnungen, daß die Türken in ihren Belagerungsanftalten ungehindert fortfahren tonnten und die Lage ber Stadt mit jebem Tage fcwieriger ward. Umfonft legte Schmettau bem Feldmarfchall einen Blan bor, wie man die bedrängte Festung burch einen Angriff von Außen und einen gleichzeitigen Ausfall ber Besatung retten konnte; Ballis jog es bor, mit bem Großweste Friedensunterhandlungen anzuknüpfen. Bu dem Ende fandte er den General Reipperg, ber gleich ihm felbft von Bien aus bie Bollmacht empfangen hatte, für ben Fall, daß Belgrad nicht zu halten mare, um jeben Preis Frieden ju schließen, in bas Sauptquartier bes Großwefire. Mug. 1739.

Die Turten felbst waren erstaunt, daß die Feldherren aus Eugens Schule Der Brigrab fo fehr bon dem Geifte ihres Meifters abgewichen, fo bereitwillig die Fruchte 18. Sept.

vergangener Rampfe und Anftremungen breibeaben. Schon am 1. September foloffen die öfterreichischen Unterhandler in überrafchender Gile mit bem Grofwefir die Praliminarien eines Friedens ab, burch welchen faft Alles was Defterreich burch Eugens Tapferfeit und militarisches Genie in Paffarowip errungen batte, wieder an die Türken zurudgegeben ward. Die Donau und die Save follten wie ehebem die Grenze zwischen beiben Reichen bilben, Belgrad wieber bas Bollmert ber Osmanen werden, die öfterreichischen Territorien in Gerbien und in der Ballachei an die Osmanen zuruckfallen. Raum daß Billeneube's Bermittelungsvorschlag, die neuen geftungswerte ju foleifen und die Stadt nur in ihrem alten Bustande den türkschen Gebietern auszuliefern, von dem übermüthigen Großwesu augenommen ward. Schmettau empfand ben größten Unwillen über ben fcmablichen Sandel; er wollte die Festung nicht raumen. Erft als ihn Wallis für ben Schaben verantwortlich machte, den die Fortsehung bes Krieges über bas Raiserreich bringen konnte, fügte er sich in die Nothwendigkeit. Run konnte auch Rubland, trop Munnichs Sieg bei Choczim, nicht langer unter den Baffen bleiben. Wir wiffen, wie ungern man in Betersburg auf den Frieden einging, ber bas Gebiet von Afow nach Schleifung der Festungswerke wieder großentheils an die Türken brachte und die Schutherrlichkeit des Sultans über den Tatarenthan ber Rrim fortbesteben ließ. Richt gang mit Unrecht fetten die Osmanen ben Sieg bei Krozta ber Schlacht von Mohaes an die Seite. In Wien fühlte man bas Schmachvolle bes Belgrader Friedensichluffes; ber Raifer lief baber ein Manifest zu seiner Rechtfertigung ausgeben und an alle Bofe verfchicken. worin er die Schuld auf seine Generale walate, die ihre Bollmacht überschritten Ballis und Reipperg wurden in Saft genommen und eine Unterfuchung angestellt. Da aber beibe der hoben Aristofratie angehörten und mächtige Fürsprecher und Gonner hatten, so wurden fie bald wieder in Freiheit geset und in ihren Memtern und Shren bergestellt. Schon bamals ging Die Rebe, fie batten im geheimen Auftrage ber Thronerbin Maria Therefia gebanbelt. bie bei bem bevorftehenden Singang ihres Baters und ben vorauszusebenden Rampfen um die Erbfolge in ben Sabsburger Staaten nicht auch noch zugleich in einen Rrieg mit den Türken verwidelt fein wollte.

# V. Preufen und das deutsche Reich.

Geschichtstiteratur: Bur Gesch. ber Regierung Fr. Wilh. I. und ber Anfange Friedr. b. Gr. außer den oft angeführten Werten von Kanke, Dropsen, Stenzel: Fr. Forfer, Fr. Wilh. I., König von Preußen, 3 Bde., nehst Urtundenbuch, Potsb. 1834 f. und Fr. b. Gr. Sugendjahre, Bildung und Geist, Berl. 1822. — B. D. E. Preuß, Friedr. d. Gr. Sugend und Thronbesteigung, Berl. 1840. — Th. v. Sedendorf, Bersuch einer Lebensbeschreibung des Generalselbm. von Sedend., Lpzg. 1792 ff., 4 Bde. — R. H. von Ben den dorf, Charatterist. aus dem Leben Fr. Wilh. I. Berlin 1787 ff. — Die berühmten Mempiren von

2. 2. son Böllniş (Mém. pour servir à l'hist. des quatres derniers souverains de la maison de Brandeb. Berl. 1792) und ber Martgrafin Bilbelmine von Baireuth. (Brunsw. Par. et Lond. 1812. 2 Bbe.). Rehr bei ber Gefch. bes flebenj. Rriegs. - Für die deutsche Specialgeschichte: Die icon mehrfach etwähnten Landesgeschichten von Dauffer für die Bfillz; von Buder für Baden; von Sattler, Spittler, Pfaff für Burtemberg; bon Bidrotte'für Batern; von Beife und Battiger für Sachfen; 'bon favemann und Schaumann für Dannober und Braunfchweig; von Rommel für Deffen, und bas altere überfichtliche Bandbuch der Gefch. der fouveranen Staaten bes Rheinbundes von Bolig. Lpag. 1811. — Berghaus, Deutschland vor hundert Jahren. Lpag. 1859. 4 Bbe. u. a. 28. - Bur beutichen Literatur f. 6. 700. Dagu noch: Berm. Betrner, Gefc. ber beut. Lit. im 18. Jahrh. (Dritter Theil bes Berts: Literaturgefch. bes achtg. Jahrh.) Braunfchm. 1862 ff. und feitbem in neuen Aufl. - Fr. R. Biebermann, Deutschland im achtzehnten Sahrhundert. 2pag. 1854-58. 2 Bbe.

### 1. Preufen unter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 und Friedrichs des großen Jugend.

Unter Friedrich I. hatte der preußische Staat feine Rrafte zu fehr in den Friedrich fernen Unternehmungen der großen europäischen Kriegspolitik gersplittert; Die 1713rühmliche, aber ziemlich unfruchtbare Theilnahme am fpanischen Erbfolgekrieg, iss. die koftspielige Berwaltung, ber Brunt eines alanzenben Safhalts bie Mis Charatter wirthichaft mehrerer Minister hatten bem Wohlstand bes Laudes schwere Bunden Regimente. gefclagen. Dem erften Ronig Preußens ging der Schein häufig über das Befen, und mit feinen Unsprüchen und seinem außern Auftreten fand die innere Dacht bes Reichs nicht immer im Cintlang. Es war Gefahr, daß ber jung aufftrebende Staat durch die übermäßige Anspannung feiner materiellen Rrafte in ein fruhes Siechthum gerathe. Da war es nun ein Glud, daß der Sohn und Rachfolger Briedrich Bilhelm I. fo durchaus andere Sinnesart trug. Eine gefunde, derbe, raube Soldatennatur, allem außern Schein und feineren Schmud bes Lebens abgeneigt, ben Blid auf das Rächstliegende, Praktische gerichtet, voll einfach burgerlicher Tugend, fparfamer Birthichaftlichkeit und patriarchalischen Sinnes, in einer Beit, ba bie frevelhafteste Boltsbedrudung und mahnfinnigste Benug. sucht als das gute Recht des Fürsten angesehen ward, ein Mann von nüchternfter Realität, unzugänglich für die luftigen Gebilde einer weitausgreifenden Politik und die Lockungen eines schwindelhaften Chrgeizes, so fieht Friedrich Bilhelm I. bor und, und die Frucht seiner Regierung ift die Sammlung ber gediegenen Krafte, Die es bem preußischen Staat ermöglichten, balb barauf eine fcmere enticheidungsvolle Prüfungezeit gludlich ju bestehen. Es waren redliche, wohlmeinenbe und rechtschaffene Absichten, die ber Ronig im Ginn trug und mit gaber Energie verwirklichte. Herrifch, durchfahrend, unbezähntbar heftig, rechthaberifch und eigenfinnig, ein strenger Antotrat, ber Alles selbst beobachtet und leitet, von einer unermublichen Arbeitetraft, ein Beind aller Berweichlichung und Bequem. lichkeit, fette er feinen eifernen Billen allen Schwierigkeiten jum Erot burch und verlangte den unbedingteften Gehorfam aller feiner Unterthanen. "Gehorchen,

und nicht rasonniren!" war sein beliebter Bescheid auf Eingaben und Borftel. lungen. Alles gitterte vor dem gornigen Manne, der nicht den leifesten Biderfpruch ertragen tonnte, der mit feinen Untergebenen, bom Minifter und General bis zum Lataien und Solbaten, in der heftigften Beife umging, wohl auch eigenhandig mit bem Stod breinfuhr; bie Strafen wurden obe und leer, wenn fich ber gefürchtete Ronig zeigte und felbst nachsah, ob seine bolizeilichen Anordnungen befolgt wurden. Riemals gab es bartere Criminalgefete und nie wurden fie ftrenger vollzogen. Fur Blutschuld Gnade zu üben, ging ihm geradezu gegen das Gewissen, aber auch auf Diebstahl, namentlich wenn es sich um Beruntreuung fiscalischer Gelber handelte, ftand meift ber Galgen. Die ganze Juftig war im höchsten Grade patriarchalisch-willkurlich und summarisch; der Ronig selbst griff beliebig in die Rechtsprechung ein und entschied nach seinen gesunden, oft freilich auch recht roben und gewaltthatigen Begriffen; ben schwerfälligen und verwidelten Formen der gunftigen Jurisprudenz war er außerft abgeneigt. An die Arbeitsfraft und Pflichttreue feiner Beamten, Die er ohne Rudficht auf Rang, Stand und Confession auswählte, stellte er die bochften Anforderungen. Bebe bem. ber eine Sigung ohne Grund verfaumte ober ju fpat auf bem Bureau erschien; unaufhörlich murde betont, daß man die Beamten bezahle, damit fie arbeiten. Eine neue Beborbenorganisation mit bom Ronig felbft berfagten Instructionen. die Grundung des "Generalbirectoriums", eines Centralcollegiums jum 3mede größerer Einheit in der Berwaltung und einer fpftematifchen Ordnung bes Staats. haushaltes, und die gahlreichen eigenhandigen, durch ihre laconische Rurze und Derbheit berühmten, überall bie Sache treffenden Randbemertungen auf den amtlichen Berichten und Aftenftuden zeugen bon ber genauen Ginficht bes Monarchen in alle Zweige ber Berwaltung, von feinem prattifchen Sinn und Sachverständniß. Um wenigsten Interesse hatte ber Konig für bie auswärtigen Ungelegenheiten, die ber gewandte, burchtriebene, oft boppelgungige Ilgen leitete. Die falfchen Runfte der bamaligen Diplomaten waren seinem geraben offenen Befen zuwider und er vermochte ihren Schlangenwegen nicht zu folgen.

Bollsmirth=

Dagegen hatte Friedrich Bilbelm I. ein außerordentliches Berftandniß und eifrige icati, Fürsorge für die materiellen Seiten der Staatsverwaltung, insbesondere das Finang-Industrie wesen. Die Erhöhung der königlichen Einkunfte und die Beschränkung der Ausgaben beschäftigte ihn sein ganges Leben lang, und es waren gute und schlechte Mittel, die er au diefem 3med anwandte, die iconungelofefte und hartefte Berabfegung der Beamtengehalter, oft weit über das gebührende Das hinaus, der Bertauf von Memtern, Titeln und Auszeichnungen, bobe Steuern und brudende Accife und Gingangszolle. Durch Errichtung eines icharfen Schupzollipftems, durch Ausschließung fremder Erzeugniffe dachte er die mangelhafte Industrie Preußens in die Sobe ju bringen , mas ihm doch nur unbolltommen gelang und jeden Aufschwung des Sandels niederhielt. Das Berbot der Ginfuhr fremder gabritate führte er fo fconungelos durch, daß er den Frauen auf der Strafe ihre aus fremdem Baumwollenzeug verfertigten Rleider vom Leibe reißen und fattunene Bettvorbange aus den Saufern wegnehmen ließ. Sein: vollswirthichaftlichen Ideen waren auf bas Rächftliegende gerichtet, und tros mander

Rifgriffe mirtte er viel Boblibatiges. Den Domanen insbesondere widmete er Die forgfamfte Bflege, fcaffte überall die Erbpacht ab, führte eine rationellere Bewirthschaftung ein und erhöhte so ben Ertrag; bis in die kleinsten Einzelheiten find eigenbandige Berordnungen des Ronigs über diefe Dinge vorhanden. Für alle Berbefferungen der Landwirthschaft und Biebzucht, für Unbau mufter Plage, für Grundung neuer Ansiedelungen, für das Gedeihen der bauerlichen Arbeit hatte er Unregung, Forderung und auch eine offene Band. Die burch Beft und Sungerenoth entvollerten Brovingen Breußen und Litthauen, wo er aus Sumpf und Saide treffliches Aderland fouf und die Bahl ber Stadte verdoppelte, verdantten ihm eine außerordentliche Bebung der Cultur und des Boblftands. Freilich zeigte er auch bier nicht felten feine gewaltthatige Ratur, so wenn er, um Berlin und Botsbam in die Sobe zu bringen, beliebigen Leuten, die er fur geeignet hielt, Sauferbauten an angewiesenen Orten befahl, ohne im mindeften auf ihre Reigung und finanzielle Sabigteit Rudficht zu nehmen, ein Berfahren, Bleißige und brauchbare das Manden geradezu wirthicaftlich ju Grunde richtete. Anfiedler fanden von überall her eine willtommene Aufnahme in Breußen. Der Religionsdrud, der in vielen Rachbarlandern berrichte und dem preußischen Ronigreich fo manche tüchtige Rraft zuführte, tam auch Friedrich Bilhelm I. zu Statten; die Aufnahme der vertriebenen Salgburger Lutheraner, mehr als 15,000 fleißige und wohlhabende Bauern, die in den öftlichften Grenglandschaften angefiedelt wurden, mar eine fehr werthvolle Erwerbung. Und ebenfo beforderte ber Ronig durch Unterftugungen und Steuererleichterungen den Bugug tenntnifreicher Gewerbetreibender; die gefuntene einheimische Manufactur zu heben, mar fein eifriges Bestreben; fur alle 3meige ber Fabritation ergingen die genauesten technischen Borfdriften. Gin tuchtiger Bauer und ein geschickter Sandwerter maren eigentlich die einzigen Berufsarten, vor denen er neben dem Soldatenstand Achtung hatte. Die Fürforge für diefe untern Schichten der Gefellfcaft, die Beringschatzung abeliger Geburt und bornehmer Lebensftellung ift ein bervorstechender und wohlthuender Charafterzug Friedrich Bilhelms. Ein Domanenrath bon Schlubhuth, bon hochangefebener Stellung und gutem Abel, der Colonistengelder veruntreut batte, murde fofort aufgetnupft, ein Berfahren, das weithin Auffehen und Schreck verbreitete.

Die einzige toftspielige Reigung, die diefer sparfame, man tann fagen geizige Militare Konig hatte, war feine Borlicbe fur Alles, was fich auf den Soldatenftand bezieht. Bur wefen. Bermehrung und befferen Ausruftung feines Beeres mar ihm teine Ausgabe ju boch und jedem einzelnen feiner "lieben blauen Rinder" mandte er ein perfonliches Intereffe Das Ginegereiren, die Sorge für Bekleidung, Berpflegung, Bewaffnung feiner Eruppen war ihm die tagliche und am meisten am Bergen liegende Befcaftigung; er brachte gegen Ende feiner Regierung über 80,000 Mann gusammen, die icon damals jene vielbewunderte preußische Ausbildung im Dienfte zeigten. In der Sicherheit und Schnelligfeit des Feuerns, die durch Ginführung der eifernen Ladftode ftatt ber bolgernen wesentlich erhöht murde, in der Pracifion der Gewehrgriffe und des Sattidrittes, in der straffen Haltung, in der peinlichen Sorge für Baffen und Uniformen stand ichon damals die preußische Armee einzig da. Unermudlich ging dem Ronig bei diefen Organisationen Leopold von Deffau gur Seite. Allerdings hielt mit ben außeren Fertigkeiten, die bielleicht manchmal übertrieben maren, doch aber mit Unrecht als Gamaschendienft verspottet wurden, die innere Ausbildung und geistige Bebung des Beeres nicht Schritt. Beim Offiziercorps wurde auf ordentliche Führung, Gewiffenhaftigkeit in allen Rleinigkeiten des Dienstes, perfonliche Chre und militarifches Standesgefühl gefehen; von friegewiffenschaftlicher Bildung aber hielt ber Ronig nicht viel, und noch weniger ber "alte Deffauer". Gine gewiffe Robbeit galt fast als ein Ruhm bes damaligen Offizier-

ftandes; wer etwas gelernt hatte, wurde wohl als Bederfuchfer und Lintenkledfer verspottet und man bezweifelte, ob er ein braver Goldat fein tonne. Erft als unter Friebrich Bilhelms Rachfolgern bie außere Fertigkeit ber Truppen mit ber getftigen Ausbilbung der Führer verbunden murde, erlangte die preußische Armee jene innere Tuchtigkeit, die fie zum unerreichten Dufter gemacht bat. Das beer Friedrich Bilbelms war noch jum größten Theil burch Berbungen, oft auch gewaltsame Preffungen gufammengebracht. Im Jahre 1733 wurde baneben bas "Rantonsfyftem" eingeführt, bas Reich wurde nach Begirten eingetheilt und diefe ben einzelnen Regimentern gur Ergangung angewiesen, mit der Bestimmung, daß jeder Burger und Bauer mit gewiffen Musnahmen und mit Berudfichtigung ber Abtommlichfeit beim burgerlichen Gemerbe und bem Landbau triegebienftpflichtig fei. Ber und wie viele wirflich ausgehoben murben, war ganglich willfürlich und unbestimmt, und die unvollkommene Einrichtung hatte fehr viele Difbrauche und Unbilligfeiten im Gefolge, mar aber immerhin ein berbeifungsvoller Anfang, an Stelle des Soldnerwefens ein nationales Wehrfpftem ju fegen. Und diefes große heer erforderte teine fremden Gubfidien, fondern war lediglich auf die Erträge bes Landes gegrundet, und vermöge bes Baarschatzes jeden Augenbild schlagfertig. Gine mahre Manie und seltsame Leidenschaft bes Konigs war die Borliebe für großgewachsene Goldaten. Um "lange Rerle" habhaft zu werben, wurden Millionen ansgegeben und die fonobeften Gewaltthaten nicht gefcheut. Gin Mann bon feche gus und darüber war nirgende, er mochte preußischer Unterthan fein ober nicht, daber ficher, in den Soldatenrod geftedt ju werden. Mit Lift und Gewalt wurden die langen Leute felbft im Auslande aufgegriffen und mehr als eine ernfte politifche Berwidlung ift wegen folder rechtsverlegenden Breffungen entftanden. Ber den Ronig am ficherften gewinnen wollte, machte ihm ein Geschent mit bochgewachfenen Solbaten. In gang Europa waren die preußtichen Berbeoffigiere gefürchtet und gehaft, und wer einmal den blauen Rod trug, für den war es faum mehr möglich loszutommen. Dem Ronig foll auf der Beit nichts fo nabe gegangen fein, als ber Tob eines langen Grenadiers; feine gefammte Leibcompagnie ließ er in Lebensgröße abmalen, faft bas Ginzige, womit er die Runft unterftupte. Es war eine Art Geiftesfrantheit des Ronigs; das Beer gewann durch diefe feltfame Spielerei nichts. Es ift begreiflich, daß eine folche, aus aller herren Landern gufammengebrachte, oft genug aus bem Muswurf ber Rationen bestehende Truppe nur durch die harteste Bucht und Strenge in Ordnung gu halten war; auf Defertion, Insubordination und Bergeben gegen bie militarifche Disciplin ftanben die schärfften und entehrendften Strafen, gewöhnlich der Lod. So mar bas heer befcaffen, welches Friedrich Bilhelm mit gutem Grund als seine eigenste Schöpfung betrachtete. Mertwürdig, daß bei diefer außerordentlichen Borliebe für alles Militarifche der Ronig doch den Rrieg fcheute. Seine Regierung ift friedlicher verfloffen, als die feiner meiften Borganger und Rachfolger. Bir tennen die Betheiligung Breußens an dem nordischen Rrieg, welche ben Befig von Stettin und den Odermundungen, das alte Biel des großen Aurfürften, einbrachte (G. 850. 898). Das und eine turze Theilnahme an dem unfruchtbaren Reichstrieg gegen Frankreich in den Jahren 1734 und 1735 waren aber auch die einzigen Feldzüge mabrend ber Regierung Friedrich Bilhelms. In jener rheinischen Campagne lernte Friedrich der Große jum erstenmal den Rrieg tennen, brachte noch dem bamals freilich icon altersichwachen Pringen Gugen feine Suldigungen bar und bildete fich über ben Berth des taiferlichen Beerwefens ein fur die Folgegeit maßgebendes Urtheil. Die Fruchte der militarifden Organisationen und der gewaltigen Steigerung ber preußischen Behrfraft follte erft ber Rachfolger Friedrich Bilbelms pfluden. Unter ben veranderten Militarverhaltniffen, wie fie burch die Rothwendigfeit ber bes Lebns- nerus, stehenden Beere begrundet wurden, war ber ritterliche Dienst bes Abels, ber auf bem

Lehnsverband beruhte, nicht mehr zu gebrauchen. Ge lag nicht in ber prattifchen Ratur Friedrich Bilhelms I., Ginrichtungen, die in ber Reugeit teinen 3med mehr hatten, aus bloger Chrfurcht vor ihrem Alter aufrecht zu erhalten. Er befchloß, die "Lehnspferde" und die fonftigen auf den Lehnsgutern haftenden Leiftungen gang aufzuheben, den Lehnsbefit in freies Erb- und Allodialgut zu verwandeln, den Baffallen die beliebige Berfügung aber ihren Befit, Beräußerung und Belaftung beffelben einzuräumen, den heimfall abzuschaffen. Dafür follte der Lehnsadel eine jährliche Abgabe zahlen. Erop belfachen Biderfpruche ber Ritterschaft wurde im Laufe ber Jahre bie neue Einrichtung, mit lleberredung und 3mang, allenthalben durchgeführt. "Damit war ein Bert von der größten Bedeutung gelungen, die Kräfte des Adels zu dem allgemeinen Broed der Landesbewaffnung herbeizuziehen, ohne denfelben doch zu vernichten." Seitdem fand auch der preußische Abel feine Stelle unter ben veranderten militarischen Berhaltniffen : bas Dffuiercorps in dem Seere Friedrich Bilbelms I. bestand gang überwiegend aus dem einheimischen Abel, nicht wie anderwarts aus fremden Dienstsuchenden, ein Umftand, der den nationalen Charafter diefes Beeres, feinen moralifchen Schalt und feine Ergebenbeit an ben Rriegs- und Landesberrn wefentlich erhöhte.

Bie bes Rönigs öffentliche Baltung, fo war auch fein häusliches Leben Sausliches und feine Erholung : rauh, berb, urfraftig und unberdorben. Un die Stelle der glanzenben hoffeste traten Bachtparaden und Musterungen, an die Stelle ber prunkenden Gaftmähler Sausmannskoft und bürgerliche Gefelligkeit; die Juwelen und toftbaren Berathichaften, Die ber Bater muhfam erworben, vertaufte ber Sohn; Alles, was an Lugus grenzte, wurde vom Hofe verbannt, die Dienerschaft aufs Rothwendigfte beschrantt; Die Königin und ihre Töchter mußten fich mit Sandarbeiten und hauslichen Berrichtungen befaffen. Bo fich nur irgend etwas fparen ließ, machte ber Ronig Abstriche und richtete feine perfonliche Aufmerkfamteit bis berab auf ben Ruchenzettel und bie fleinsten Einzelheiten ber Mobe und Rleidertracht. Best gab es feine Schauspiele und Concerte, feine Soireen und geiftreichen Cirtel mehr. Dafür besuchte ber Ronig bas berühmte "Labatscollegium". Sier versammelte er feine Generale, Minifter und Diplomaten und führte bei Bier und Tabat eine amanglofe Unterhaltung aber ernfte und fcherzhafte Dinge, wobei freilich auch Robbeiten und Ausgelaffenheiten nicht felten waren. Auch in ber wildeften Barforcejagt in ben Balbern von Bufterhaufen suchte er in seinen fraftigen Jahren Erholung; als er Diefer Leibenichaft wegen großer Beleibtheit entfagen mußte, unterhielt er fich in seinem Bimmer mit Drechfeln und Sandarbeiten. In feinem gangen Thun und Laffen glich er einem berben Landjunter. An bem burgerlich-einfachen Sofe ju Berlin und Potebam war teine Spur von jener fonft an den Fürftenhöfen überall herrichenben Rachahmung des frangofischen Befens, von jener Berfcwendung und Pruntfucht, jener Ueppigfeit und Matreffenwirthichaft.

Unter der übermäßigen Bescheidenheit und Schmudlofigfeit dieses Lebens litten Religion und Geiftesleben. am meiften bie Runfte und Biffenschaften, wenn der Ronig nicht fofort ihren prattifchen Rugen ertannte; Gelehrte und Runftler, Die unter den borigen Regierungen mit Duthe und Roften waren herangezogen worden, wurden einfach entlaffen ober in ihren De-

baltern aufs Aeuberfte beschränft; wir wiffen bereits, das Christian Bolf, deffen Billofophie ben Rechtglaubigen anftobig mar, den Befehl erhielt, "bei Strafe des Stranges" innerhalb vierundzwanzig Stunden Salle zu verlaffen (S. 742). Allem Seltenwefen und rationaliftifder Aufflarung mar Friedrich Bilbelm bon Bergen feind, wenn er auch nicht von der bereits traditionellen Duldfamkeit der preußischen Monarchen abwich. Ein auter Brotestant und ein Dann von festem Glauben trantte er doch auch andere Confeffionen nicht in ihren Rechten; bafur verlangte er aber auch, daß feine Glaubensgenoffen anderswo nicht mighandelt wurden, und trat febr energifch fur die Brotestanten ein, wo immer fie gedrudt und in ihren Rechten verfürzt wurden. Bie wenig der Ronig bon boberer Geiftesbildung bielt, bas zeigte fich namentlich in ber unmurdigen Behandlung der Universitaten und anderer wiffenschaftlichen Inftitute. Die Academie in Berlin, die pruntvolle Schöpfung feines Baters, mar nabe daran, völlig einzugeben; man mußte dem Ronig vorftellen, fie laffe fich jur Ausbilbung von Bundargten benuten. damit fie nur nothdurftig ihr Dafein friften tonnte. Bum Brafidenten wurde Jacob Baul Gundling, ein Bruder des angesehenen Staatsrechtslehrers und hiftoriters in Salle, ernannt, ein Mann nicht ohne Renntniffe, der dem Ronig auch als Beitungsreferent diente, aber wegen feiner Truntfucht und feiner pedantifden duntelhaften Belehrtenmanieren ber gangen Refideng und insbefondere dem "Labatscollegium" eine unerschöpfliche Quelle bes Mergerniffes und des Spottes. Er und feine Rachfolger, barunter auch Sagmann, ber Biograph bes Ronigs, mußten es fich gefallen laffen, geradezu als hofnarren, luftige Rathe und als Bielscheibe der plumpften Spaffe behandelt au merden. Das maren die Rachfolger von Leibnig! Go geringschätig Friedrich Bilbelm die gelehrten Bruntanftalten behandelte, fo febr er es liebte, fich über die fteife, hochmuthige und unnuge Profefforenweisheit luftig ju machen, fo bereitwillig erfannte er auf der andern Seite ben Berth des niedern Boltsunterrichts an, der ben Leuten Bibelfunde, Rechnen, Schreiben und andere brauchbare Renntniffe beibrachte. Des Ronigs Fürforge war überall vorzugsweise auf die unteren Schichten bes Boltes gerichtet; er haßte ben gefellichaftlichen und geiftigen Firnif der hoberen Belt.

Des Ronige Umgebun

So eiferfüchtig und mißtrauisch Friedrich Bilbelm die Selbständigkeit seiner und Samilie. Entschluffe und Handlungen zu mahren suchte, fo mar er doch abhangig und lentbar, wenn man ihn geschickt zu behandeln verftand. Einen bauernden und machtigen Ginflug übte ber General und Minifter Friedrich Bilbelm von Grumbtom, ein jovialer Lebemann, gewandt und gefchmeidig, aber auch bochft intrigant, felbstfüchtig und, um die Mittel zu seinem Aufwand zu beftreiten, bestechlich, deshalb auch zulest in Ungnade entlassen. Die Thronbesteigung Friedrichs II., ju beffen Digverhaltniß mit dem Bater er fo viel beigetragen, erlebte er nicht mehr. Reben ihm wußte der taiferliche Gefandte, Graf Friedrich Beinrich von Seden borf, ein tüchtiger General und feiner verfchlagener Diplomat, aber voll Sabsucht und Falschheit, in den entscheidendsten Sahren auf des Ronigs auswärtige Politit bestimmend einzuwirken. Die angesebenfte Berson Leopold von ant hofe, recht ein Mann nach bes Königs Bergen mar ber Fürft Leopold

1676-1747. pon Anhalt - Deffau, unter bem Ramen Des "alten Deffauer" eine ber polie thumlichsten Figuren der preußischen Geschichte. Das berbe, alle feine Bildung und Sitte mit offenem Sohn verschmäbende, dabei aber leutselige und bieden Befen des tapferen Rriegsmannes, der gleich dem Ronig nur fur den Soldater

ein Berg hatte und an ber Berbefferung des Beermefens unermudlich und erfolg. reich arbeitete, ber im schwedischen und im spanischen Erbfolgefrieg Proben eines hervorragenden Feldherrntalents und eines schneidigen Muthes abgelegt hatte, pragte fich der Erinnerung ber Beitgenoffen und Nachkommen tief ein als ber Eppus der guten alten preußischen Soldatenart. Bon seiner rauhen, felbst roben und boch wieder leutseligen Beife, seinem naturwuchfigen Big, feinen genialen Rraft- und Rernworten wußte das Bolt noch in fpaten Beiten einen reichen Schat von Anekdoten zu erzählen, und auch ber Soldatenaberglauben heftete fich an ben alten Belden, der kugelfest und gefeit in so vielen Schlachten gefochten. Dabei war Leopold von Deffau von viel natürlichem Berstand und angeborner Schlauheit, keineswegs fo ungebilbet, wie er fich felbft ben Anfchein gab, fogar literarifch thatig; er mußte einen fehr nachhaltigen und tiefgebenden Ginfluß vermoge feiner Berrichsucht und geistigen Ueberlegenheit auf feinen toniglichen Bermandten auszunben. Die politischen und perfonlichen Biele und Intereffen biefer hochstehenden Manner treugten fich meiftens mit benen ber Ronigin Sophie Tochter Georgs I. von Hannover-England, einer feingebildeten Frau und treffe lichen Mutter, die unter der häuslichen Tyrannei des Königs und seiner oft rauhen Behandlung viel zu leiden hatte. Die entgegengesette Einwirkung ber feindlichen Bofparteien, ber angesehensten Gunftlinge und ber Ronigin, auf ben Monarchen, der bon augenblidlichen Ginfluffen und Gindruden, bon mechfelnden Gefühlsaufwallungen abhängig, trop feines Argwohns leicht zu gewinnen, aber auch schwankend und unficher mar, erzeugte oft recht unerquickliche Intriguen und Umtriebe, die in die großen Fragen der auswärtigen Politik wie in die perfonlichen Berhaltniffe der toniglichen Familie bestimmend eingriffen. Bei ber innigen B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ben bauslichen und politischen Ungelegenheiten beftand die Aufgabe eines Grumbtow und Sedendorf oft geradezu in der Stiftung von Familienhader, und fie haben fich diefer Aufgabe mit viel Erfolg erledigt.

Die Königin ftrebte mit gaber Ausdauer nach einer engeren Berbindung der ihr Das englische fo nabe ftebenden Saufer Breugen und England-Sannover; eine Doppelheirath zwifchen lungeproject. ihren beiden alteften Rindern, dem Aronprinzen Friedrich und beffen Schwefter Bilhelmine Berbindung und ben Rindern ihres Bruders Georg II., war der Lieblingsgedante ihres herzens, reich. und in der That gelang es ihr, die Cheverabredung zwischen den beiden Sofen zu Stande ju bringen. Sand in Sand damit ging ber Abichlus ber Berrenhaufer Alliang (S. 871) mit England und Frantreich gegenuber bem gefahrlichen Bund Defterreichs 3. Sept. und Spaniens, ber bem damaligen europäischen Territorialbestand wie ber protestantifchen Religion gleichermaßen bedrohlich war. Den preußischen Ronig in bas ofterreichifche Intereffe ju ziehen, war nun bas eifrigfte Anliegen Sedendorfs und feines Senoffen Grumbtow, und es gelang diefen verfchlagenen Mannern balb, dem Monarben fcwere Bedenken gegen den englisch-frangofischen Bund einzufloßen. In dem berblurgenen Gewebe der auswärtigen Politit, bas er nicht durchschaute, konnte fich Friedrich Bilhelm nicht zurecht finden ; fdmantend und unbeftandig neigte er bald dabin, bothin. Seine natürliche Unficherheit und fein Diftrauen mar bor Jahren noch lefteigert worden durch die verratherischen Umtriebe des rantefuchtigen diplomatischen

Abenteuerere Clement, der feltsame Anzettelungen zwischen den hofen von Berlin, Bicr

und Dresden gestiftet hatte. Der Ronig hafte bie Frangofen als deutscher Patriot, hatte vor dem Kaiser trot mancherlei Spannungen eine tieseingewurzelte Chrfurcht, war feinem folgen englischen Schwiegervater niemals jugethan und noch argerlicher über ihn, als er wahrnahm, daß jener wenig Ernft und Gifer hatte, die Doppelheiratt wirklich jum Bollzug tommen zu laffen. Budem mar er unklar, bedenkich und miß: trauisch über bie eigentlichen Biele bes Bundes. So war es benn nicht fower, ber 12. Det. Ronig ju dem Bufterhaufer Bertrag ju bringen, der gegen die preußische Anertennung ber öfterreichischen Erbfolgeordnung, eine ziemlich nichtige und fpater offentundig verleste Buficherung binfichtlich ber Erwerbung bes Bergogthums Berg nach bem beborftebenben Erlofchen der pfalg-neuburgifchen Linie gemahrte, ein Biel, das bei Friedrich Bilbelm im Borbergrund aller politischen Berechnungen ftand. Die Trennung des Konigs von den Bestmächten mar ein Meifterftud Sedendorfs. Bald barauf verlor freilich die Gituation, die um jene Beit unmittelbar jum europäischen Rrieg ju führen fcbien, viel von der Spannung, und damit fant auch die Bundesgenoffenicaft Breugens im Berthe; boch aber mar die öfterreichische Bolitit forgfältig bestrebt, den Ronig Friedrich Bilhelm bei dem Bundniß festzuhalten, ihn von den Bestmächten zu trennen und befonders mit 23. Deebr. England du berfeinden. Dies gelang auch vollständig. Su bem Berliner Bertrag murden die Bufterhaufer Abmadungen erneuert, Breufen gab fich jum hauptfächlich. ften Burgen der Gemabrleiftung der faiferlichen Erblande und der pragmatifon Sanction ber, verfprach dem funftigen Gemahl der öfterreichischen Erbtochter feine Stimme bei der Raiferwahl, wogegen dem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das Herzogthum Berg auf's Reue zugefichert wurde. Allein wir werben feben, daß diefe Bufage nie ernftlich gemeint war und nie erfüllt wurde. Bu fpat erfannte der Konig, daß er fich durch die öfterreichischen Umtriebe hatte bethören laffen. Sand in Sand mit der politifden Entfremdung zwischen Preußen und England ging die perfonliche der Monarchen. Die Jahrelang fortgefetten Beirathsprojecte, Die in gang Curopa als eine Staatsaction erfin Ranges behandelt wurden, fliegen auf die mandfachften Sinderniffe; von englischer Seite fuchte man diese Angelegenheit immer zu politischen Combinationen auszubeuten und der Ronig von Breußen fürchtete, eben badurch in die Abhangigteit von dem madtigeren England zu gerathen und in eine Richtung gedrängt zu werden, die feiner dermaligen Ergebenheit gegen ben Raifer widerfprach. Es tam bingu die Abneigung gegen ben hochfahrenden Schwager, der die Beirath fast als eine Gnade angefeben wiffen wollte, das Begen der taiferlich gefinnten hofpartei, die manchfachften Bedenten politischer und perfonlicher Ratur. Das Cheproject wurde immer aussichtslofer und als endlich der englische Sof Ernft machte und den Ritter Sotham zu einer formlichen Mpril 1730. Berbung nach Berlin fandte, jugleich aber auch mit dem Auftrag, den Minifter Grumbtom als Berrather angullagen, feine Entfernung ju perfangen, die taiferlichen Intriguen ju gerreißen : da fühlte fich ber Ronig aufs Lieffte verlet, bas man in feine Angelegenheiten eingreifen, ihm in feinem Saufe Gefete vorfdreiben wolle. Im Bu-

Ratastrophe in der preußischen Königsfamilie völlig abgebrochen.

3ugend und Die erste Erziehung des Kronprinzen Friedrich, wie auch bereits die des Erziehung des Kron-Baters hatte die würdige Frau von Rocoulles geleitet, eine gestüchtete Hugerpringen Brief des nottin, aus deren Umgang der Knabe namentlich die Vorliebe für die französische gek. nottin, aus deren Umgang der Knabe namentlich die Vorliebe für die französische 24. Jan. Sprache zog, die er zeitlebens bewahrte. Dann war der General Graf Finden.

sammenhange mit diesen Borgangen wurden die hauslichen Berhaltniffe am Berliner Hof von Tag zu Tag unerfreulicher, die Entfremdung zwischen Bater und Sohn wucht mehr und mehr. Endlich wurden die Unterhandlungen mit London durch eine traunge

stein als Oberhofmeister eingetreten, ein rauher militärisch strenger Mann, der nach bes Ronigs eigener Instruction seinem Bogling Gottesfurcht und Sittliche feit, Auhinbegierde, guten protoftantifchen Glauben und befonders auch Sparfamteit und Ordnung einpragen follte, von den Biffenfchaften aber eine gewandte Schreibart im Frangöfischen und Deutschen, Die Rechentunft, Detonomie, Biftorie und Geographie; fein eigentlicher Braceptor war ein frangofischer Emigrant Duhan de Saudun, ein feingebildeter, aufgetlarter, von Friedrich geitlebens bochverehrter Mann, ber bem Rnaben erft bie Ahnung eines boberen geiftigen Lebens aufgeben ließ, als man es in ben rauben Rreisen bes Baters gewähnt mar. Bor allen Bingen follte bem Kronpringen bie mahre Liebe gum Soldatenftanbe eingeflößt und jebe Berweichlichung und Bergartelung vermieben werben. Bis auf Die Minute war die Beschäftigung bes Pringen geregelt; in ber ftrengen Disciplin und bem wenig anregenden Lehrplan nahmen die Andachtsübungen und der driftliche Unterricht eine übermäßige Stelle ein. Die gange Lebens- und Lehrordnung widerftrebte bald dem begabten, geiftreichen Pringen. Er fand an ben stundenlangen Bredigten und Ratechisationen ebenfo wenig Gefallen als an bent geiftlofen Mechanismus bes Solbatenbienftes und an ber peinlichen Orbnung, Birthichaftlichteit und Gittenftrenge, in Die man diefe überfchaumenbe Lebenstraft zwingen wollte. Sein freier Sinn ließ fich in die beschränften Befichtetreise bes Baters nicht bannen; Die strenge Bucht und die pedantische Ergiehungemethode forderten nur feinen Biberftand und feinen Spott heraus. Der Bater glaubte balb ju ertennen, daß ber Bring Bang jum Unglauben und Atheismus in fich trage, daß er Reigung jur Berfchwendung, ju einem regellofen Leben, ju unordentlicher Birthichaft befige, und daß er auch nicht das Beug ju einem guten Solbaten habe; bagegen gab er fich mit iconen Runften, mit Beichnen und Flotenspiel, mit ber frangofifchen Literatur und andern unnügen Dingen ab, fuchte bie Befellichaft geiftreicher und lebensluftiger Danner, machte Schulden und manbelte auch im Bertebe mit bem weiblichen Geschlecht nicht immer die ehrbaren Bege bes fittenftrengen Baters. Fruh gewöhnte fich ber Rönig baran, in bem Thronfolger einen verlornen Sohn zu feben, der ber Familie und dem Staate nur Schande machen werbe. Die Ralte und Entfreudung nahm mit den Jahren ju, und je frenger ber Bater bie unders geurteten Reigungen bes Sohnes zu brechen suchte, je ranber er ihm begegnete, je gewaltsamer ber auferlegte Bwang wurde, defto mehr erweiterte fich die Rluft zwischen ben beiben Bergen. Es tam fo weit, bag ber Ronig ben Sohn nicht mehr erbliden tonnte, ohne in Scheltworte und oft genug auch in torperliche Dishandlungen gegen ibn auszubrechen. Und ebenfo erging es feiner alteften Schwefter Friederite Bilhelmine, die mit dem Bruder viele geiftigen Buge gemeinsam hatte und treulich ausammenhielt, und fich in ber Folge für ben erlittenen Drud burch bochft boshafte und pietatslofe Memoiren rachte.

G. Das achtzehnte Jahrh. in den vier erften Sahrzehnten. 932 Aluchtver-Die raube Band bes bespotischen Ronigs lag erdrudend schwer auf der Jud Bride. jugenblichen Entwicklung des Prinzen. Er fühlte fich ungludlich, lebensüberdruffig, hoffnungelos. "Ich bin in ber außerften Bergweiflung", fcrieb er einmal feiner Mutter, "ber Ronig bat gang bergeffen, bag ich fein Sohn bin und mich wie den gemeinsten Menschen behandelt. 3ch trat diesen Morgen wie gewöhnlich in fein Bimmer, er sprang sogleich auf mich los, folug mich mit feinem Stode fo muthend, daß er nicht eber als bor eigener Ermattung aufhörte. Ich habe ju viel Chraefühl, um eine folche Behandlung auszuhalten, bin aufs Meußerste gebracht und entschloffen, bem auf die eine ober die andere Beise ein Ende au machen." Er trug fich seitbem mit bem Gebanten einer Flucht nach England ober Frankreich, ber ihn nicht wieder verließ. Mit seinen Bertrauten, dem Lieutenant bon Ratte, einem tatentvollen und geiftreichen jungen Mann mit einem ftarken Anflug von genialer Buftheit, und bem Lieutenant Rait wurde ber Plan nach allen Richtungen besprochen. Auf einer Reise, die Bater und Juli 1730. Sohn gum Befuche einiger fudbeutschen Fürftenhöfe unternahmen, ichien fich die Gelegenheit zu bieten, bas Borbaben auszuführen. In bem Dorfe Steinfurt unweit Mannheim wurde ber Berfuch gemacht zu entflieben; allein an ber Bachfamteit der Umgebung, der ichon vorber allerlei Barnungen zugekommen, scheiterte der unbesonnen angelegte Plan; und als man nun nach Mannheim tam, warf fich ber Bage Rait, des Lieutenants Bruder, der bem Bringen die Pferbe hatte liefern wollen, reuevoll bem Ronig zu Fugen und bekannte Alles. Der Rönig ichaumte bor Buth; er ließ ben Rronpringen in fichern Gewahrsam nehmen und nach Befel, dann nach Berlin ichaffen; er war entschloffen, die volle Strenge ber Rriegsartifel gegen ihn als Deserteur in Anwendung zu bringen. Es war gang in des Rönigs foldatischer Art, auch diese traurige Familienkatastrophe vom Standpunkt bes militärischen Ungehorsams und der Fahnenflucht au betrachten. Schreden und Befturgung berrichten allenthalben; bei dem unbegahmbaren Born bes Ronigs mußte man auf bas Meußerfte gefaßt fein; man jog bange Bergleiche mit bem Untergang ber Sohne Philipps II. und Beters von Rugland. Alle Mitwiffer und Forderer des Planes wurden verbannt, in

Haft gebracht, aus dem Heere gestoßen, des Dienstes entlassen. Der Kronpring wurde des Offizierrangs verlustig erklärt und als Staatsgesangener zu strenger Haft nach Küstrin gebracht. Ein Kriegsgericht sollte über ihn und Katte aburtheilen; der ältere Kait war glüdlich entkonmen. Ueber den Prinzen weigerten sich die Ofsiziere des Kriegsgerichts einen Spruch zu fällen; es gezieme ihnen als Unterthanen nicht, über Borfälle in der königlichen Familie zu erkennen. Das Todesurtheil ist nicht, wie vielsach behauptet wurde, ausgesprochen worden, noch hat solches der König verlangt. Die Berwendungen des Kaisers und anderer nahestehender Höse, die Bitten wohlmeinender Freunde und die wiederkehrende Ruhe nach der ersten Auswallung stimmnten auch den König mit der Zeit milder. Ein Opfer aber mußte fallen. Katte war von dem Kriegsrecht zu lebenslänglicher

Reftungeftrafe verurtheilt worden, der Ronig aber verscharfte den Spruch und ließ ben hochverratherischen Offigier vor den Genstern bes Rronpringen in Ruftrin mit dem Schwerte richten. Friedrich, ber vergebens alle Schuld auf fich ju 6. Mov. 1780. nehmen und den Freund zu retten gesucht hatte, mar aufs Tieffte erschüttert; feine Biderftandetraft und fein Erop maren gebrochen, Ergebung und Schwermuth an ihre Stelle getreten. - Auch ber Bater war milber geworben, und als Friedrich jest einen Gid fcwor, bes Ronigs Befehlen funftig wie ein treuer Diener, Unterthan und Sohn nachleben ju wollen, murbe bie Strenge ber Saft verringert. Doch durfte ber Pring noch ein ganges Jahr die Festung Ruftrin nicht verlaffen und mußte auf der Rriege- und Domanenkammer arbeiten, eine Beschäftigung, in ber er fich die genaue Bekanntschaft mit allen 3weigen ber Berwaltung aneignete, die feiner Regierung fpater fo febr ju Gute tam. Die völlige Berföhnung und Begnadigung, die Biederaufnahme in bas Beer murbe erft vollzogen, als die bem Ronig fo verhaften englischen Beirathsplane, an benen die Ronigin bis jur legten Stunde feftgehalten, endgultig aufgegeben wurden, als die Pringeffin Bilbelinine fich mit dem Erbpringen Friedrich von Baireuth, und bald barauf ber Rronpring mit Glifabeth Chriftine bon Braunschweig-Bebern vermählte, einer einfachen, verftandigen, gutherzigen Dame, die Juni 1789. freilich weber die sinnlichen, noch die geiftigen Ansprüche bes jungen Fürften ju befriedigen vermochte und ftete unter bem traurigen Geschid ju leiben hatte, ein Opfer ber Bolitit und peinlicher perfonlichen Berhaltniffe ju fein. Der Gebante einer Bermählung mit Maria Therefia ift höchftens gang flüchtig einmal aufgetaucht, tonnte aber im Ernfte, icon wegen ber Religion, gar nicht gehegt werden

Rach ber Bermablung taufte fich ber Rronpring in bem Stadtchen Rheins berg Die Rheines bei Reu-Ruppin an, baute fich an einem waldbefrangten See ein Schlof und tonnte Das geiftige hier jum erftenmal, von dem ftrengen Bater entfernt, ungeftort feinen wiffenfcaftlichen Beben um Griebrich. und funfterischen Reigungen, seinen literarischen Arbeiten, dem Bertehr im angeregten geiftreichen Freundestreife leben. Sier verfentte fich der Rronpring in die Geifteswerte aller Beiten; bier fammelte er feingebildete und anregende Manner um fich (Jordan, Repferling, Chazot, Lamotte-Rougue, ben betannten Memoirenschreiber Bollnig u. a.); bier murben Romodien und Concerte aufgeführt; die leichte Duse ber Dichttunft, wie das ernfte Studium der Philosophie, der Beschichte und Rriegswiffenschaft murben hier gepflegt. Friedrich las die Berte ber Alten in frangofifchen Ueberfegungen und ichopfte daraus die edle Ruhmbegierde, an Großthaten und Beiftesbildung den griechischen und römischen Belden nachzustreben; er bewunderte die frangofische Literatur und unterbielt mit ben berühmteften Gelehrten aller Orten einen anregenden Briefwechsel Er faste für Boltaire eine folde Berehrung, bas er ihm ble fomeldelhafteften Briefe forieb und den perfonlichen Umgang mit einem fo großen Beifte als bas hochfte Glud pries. Der berühmte Frangofe, beffen Umgang der Kronpring bor bem Bater ftets geheim halten mußte, besuchte nach dem Regierungswechsel den Ronig und nahm fpater fogar auf langere Beit feinen Aufenthalt in Berlin; aber der perfonliche Bertehr, ber die eigennütige, felbftfüchtige und eitle Ratur bes Frangofen, fowie fein von Reid und Bosheit erfülltes Berg, feine Streitluft und bor Allem feine fcmugige Erwerbfucht ans Licht brachte, benahm bem Ronig viel von feiner früheren Bewunderung. Gin fo fpott-

füchtiger Mann wie Boltaire, ber nie einen Bis ober einen pitanten Ginfall, wie verlegend fie auch sein mochten, unterbruden konnte, war nicht zum Umgang mit einem Furften bon abnlicher Ratur gefchaffen. Beffer eigneten fich bagu minber bedeutenbe Beifter, wie der wegen feiner freimuthigen Dentungsart aus Frankreich verwiesene witige Spotter La Mettrie, der materialistische Philosoph d'Argens, der italienische Schongeist und Polyhistor Algarotti u. a., die sich nach der Thronbesteigung in dem neuerbauten Luftfchloß bei Botsdam um den "Philosophen von Sanssouci" sammetten. Der frangofifche Mathematiter Maupertuis wurde gum Brafidenten der Academie der Biffenfchaften ernannt, die fich jest wieder aus der Erniedrigung erhob. Auch die Beitungen, die unter Friedrich Bilhelm febr befcrantt, zeitweilig ganz unterbrudt gewesen, burften fich jest freier entwideln; auf Friedrichs eigene Beranlaffung erschienen gleich nach seiner Thronbesteigung zwei neue Blatter in Berlin, darunter die altbevühmte "Spener'iche Beitung" als "Berlinifche Rachrichten bon Staats- und gelehrten Cachen," wofür ber Ronig wohl felbst bie und da Beitrage lieferte. Friedrichs fruchtbare literarische Birksamteit werben wir an einem anderen Orte im Busammenbang überbliden.

Frichrichs

Auf das icone geiftige Stillleben in dem weltabgelegenen Stadtden fab Friedrich religible auf ods inspen mit freundlicher Erinnerung gurud. Es übertam ihn damals in Rheinsberg wohl der Bunfc, fern von den Gefchaften des Staats für immer bem Dienste der Rufen fich widmen zu können. Sein ganges Leben hindurch, im Getummel des Feldlagers, unter den Sorgen der Regierung hat er Troft und Etholung in den Buchern gesucht. Es war nicht etwa bloß die leichte Unterhaltung eines dilettantischen Beiftes, fondern ernstes miffenschaftliches Streben, ber Drang nach Erkenntnig und Belehrung, mas biefen Studien zu Grunde lag. Mit gang befonderer Singebung erfaßte er die Richtung der Beit auf das Religios-Philosophische; er beschäftigte fich eingebend mit den bochften Broblemen des menschlichen Dentens, er ergrundete die Leibnig-Bolff's fce Philosophie in allen ihren Tiefen und suchte feinen großen frangofischen Freund fur biefe Beltweisheit ju geminnen. Freilich murde dabei fein pofitives Chriftenthum mehr und mehr von den materialistischen und naturalistischen Ideen der Beit verdrangt; er begann in fortidreitender Stepfis an der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 und andern Grundwahrheiten der driftlichen Offenbarung zu zweifeln; aber seine negative Richtung entsprang nicht flacher Frivolität, sondern dem ernstesten Drang nach Erkenntnis und Forichung, dem Streben, fich über die bochften Fragen des Seelenlebens flar zu werden. Die Bethätigung feiner freifinnigen religiöfen Anfichten mar denn auch das erfte Anliegen Friedrichs, als er jur Regierung gelangt mar. Der Bhilosoph Bolff, gegen ben übrigens auch Friedrich Bilhelm in den letten Jahren fein Unrecht wieder gut zu maden gefucht hatte, wurde von Marburg nach Salle jurudgerufen; "ein Menfc, ber die Bahrheit fucht und liebet, muß unter aller menfchlichen Gefellschaft werth gehalten werden", bemerkte der Konig dazu. Ein andermal gab er auf eine Anfrage wegen Beibehaltung der römisch-tatholischen Schulen für die Soldatenfinder den berühmten Bescheid: "die Religionen mussen alle toleriret werden; hier muß ein Seder nach seiner Façon felig werden." Das mar freilich der traditionelle Geift der preußischen Bolitit, doch aber war unter teinem anderen Regenten der Grundfas, daß die ftaatsburgerlichen Rechte bon einem bestimmten Betenntnis nicht abhängig fein durften, daß teine Religion auf alleinigen Staatsichus Unipruch machen tonne, fo bewußt und confequent burchgeführt worden, wie es unter diefem freien und ftarten Beifte geschah.

Friebride II.

In den letten Jahren hatte fich das Berhältniß zwischen Bater und Sohn fleigung freundlich, sogar zärtlich gestaltet, und als der alte König am 31. Mai 1740 starb, pries er Gott, daß er ibm einen fo braben und murdigen Sohn geschenkt, und Friedrich ftand mit aufrichtiger Anerkennung, Liebe und Dantbarteit an bem Sterbelager; er bat auch in seinen Briefen und Berten bes Batere ftete mit Berehrung gedacht und mit bem vollen Bewußtsein, wie biel ber preußische Staat Diesem traffigen ehreufesten Fürsten verdante. Schon ein Blid auf ben wohlgefüllten Schat und das flattliche Seer bewies die Gediegenheit ber Grundlagen diefes "spartanifchen" Staatsbaus, boppelt werthvoll in einer Beit, da gewaltige Enticheidungen am politischen Sorizont aufstiegen. Ueberall maren die natürlichen Gulfsquellen erfchloffen, die Ertragefähigfeit gehoben, ber Bohlftand und die Cultur gefteigert. Bon dem aufgeflarten, einfichtigen und wohlwollenden Ginne des neuen Ronigs durfte man eine gesegnete Beit fur Preußen voll Regentenweisheit und thatiger Burforge für das Bohl der Unterthanen erwarten. Und ichon die erften Regierungshandlungen gaben den großen, einfichtigen Geift, Die unermudliche Arbeits. fraft, bas ernfte landesväterliche Streben, wie auch ben felbstbewußten Billen bes jungen Monarchen fund. 3m Sangen wurde das Shiftem der Staatsverwaltung bes Batere fortgefest; nur wurde eine große Reihe von Migbrauchen und überlebten Ginrichtungen in der militarifden und burgerlichen Administration abgeschafft. Des Königs humaner Beift zeigte fich u. A. alebald in ber Milberung ber barbarischen Criminaljuftig, in der Aufhebung ber Folter, die damals noch überall ein wesentlicher Bestandtheil bes Strafprozesses mar. Um meisten wußte Friedrich die nillitarischen Leiftungen bes Baters ju ichagen. wurden auch hier mancherlei Meußerlichkeiten und Spielereien, wie bas große Leibregiment, abgeschafft'; allein an dem Befen ber trefflichen Armeeorganisation bielt Friedrich fest und baute auf den bewährten Grundlagen im Geifte bes Baters fort. Bir werden ben Staat Friedrichs bes Großen an einem andern Orte fennen lernen; junachft mar es mehr ber gelbherr als ber Staatsordner, ber feinen gefeierten Ramen burch bie Belt erschallen ließ.

#### 2. Das Reich und die deutschen fürstenthumer.

## a. Allgemeines.

Mit der Thronbesteigung Maria Theresia's und Friedrichs II. im 3. 1740 tritt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ation in eine neue Periode ein, die bisherige Staatenconföderation gewinnt mehr und mehr eine dualistische Gestalt unter der Hegemonie von Desterreich und Preußen; die i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geschaffenen Ordnungen werden zu einem morschen Gehäuse, dem der Odem des Lebens entstlieht. Bir haben im vorigen Bande S. 1019 ff. die öffentlichen Zustände, die Reichsversassung und die Einzelstaaten kennen gelernt, die dem deutschen Bolke als Früchte und Errungenschaften dreißigjähriger Rämpfe zu Münster und Osnabrück dargeboten wurden. Diese Einrichtungen und Sapungen nach Außen unverändert zu erhalten, nach Innen zu Gunsten des Particularismus, der fürstlichen Borrechte auszubilden, war das Ziel der deutschen Politik der nächsten

Bahrzehnte. Das europäische Bleichgewicht wie bas Sonberintereffe ber eingelnen Staaten faben in ber Berfaffung bom Jahr 1648 ben Grund- und Editein bes politischen Lebens im Gesammtreich wie in feinen Ginzelgliedern. Es war daber die folgerichtige Entwidelung, der naturliche Ausbau ber i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geschaffenen Organismen und Fundamente, wenn in bem ge-Schichtlichen Beitraum, welcher in bem vorliegenden Bande feine Darftellung gefunden hat, das deutsche Bolt, fo weit es nicht in den brandenburgifch-preuffifchen ober in ben habsburgifch ofterreichischen Staatstorper inbegriffen mar, nur im Gefolge anderer Rationen, gleichsam als Trabant großerer Machte auftrat. Go ift die Geschichte ber Staaten, die unter bem Scepter ber Bittelsbacher ftanben, mit ber Beschichte Frankreichs verflochten; fo find die fachsischen Rurlande mit der Republit Bolen in Berbindung, in eine Art politischer Lebensgemeinschaft gesett worden; fo murde das braunschweig-hannoverische Rurfürstenthum burch fein Berricherhaus an ben englischen Staat, fo Schleswig-Solftein an Danemart gefnupft. Dan mag es fur unpatriotijd halten, wenn ein beuticher Universalbistorifer die politische Berfahrenbeit und centrifugale Richtung ber eigenen Ration icon in der außeren Anordnung und Gruppirung erkennen lagt, anftatt die Splitter und Trummer einer staatlichen Lebensgemeinschaft liebevoll aufammen zu fügen und die Blogen zu verbeden; aber die hiftorische Bahrheit ift das bodite Gefet des Geschichtschreibers und banach ift die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fiebenzehnten und achtzehnten Sahrhundert nur ein großer Berfetungs. proces des Reichs. und Staatenorganismus; felbst auf bem geiftigen Bebiete, in der Sprache und Literatur murbe der baterlandische Sinn nur mubfam erhalten und genährt. Un diefer traurigen Erscheinung trug weniger bas beutsche Bolt die Schuld, als seine Saupter und Stimmführer, seine Fürften, feine Aristofratie, seine Belehrten. Bie bor bem großen Rrieg (XI., 744 ff.) fo lebte auch jest noch ein bieberes, treuberziges Bolt in Stadt und Land, arbeitsam und pflichtgetreu, genugsam in armlichen Berhaltniffen, voll Frommigfeit und Bottesfurcht, voll Singebung und Behorfam gegen Fürsten und Obrigkeit, tapfer und tampfbereit in allen Rriegen, die jum großen Theil mit deutschen Baffen ausgefochten wurden, und unverdroffen die Beschwerden bes Lebens ertragend. Aber die öffentlichen Buftande maren elend und die Berricher und Bortführer auf der Bobe des Lebens ohne Sinn für nationale Burde und Chre. nur baß im großen Umfreise bes Reiches Staategewalt, Gesetgebung, Rechtspflege und Baffenmacht immer mehr auf der angedeuteten abichuffigen Bahn bes Berfalls und der Berlotterung fortrudten, daß der deutsche Staatstorper, trot ber Bezeichnung "Raijer und Reich", immer mehr bas Geprage eines fürftlichen und ariftotratischen Gemeinwejens annahm, daß fast wie in ber Republit Polen die Gesammtverfaffung durch Sonderbundniffe, durch Affociationen innerhalb des Reiches oder mit dem Auslande durchbrochen und gerfett ward: in den einzelnen Staaten zweiten und dritten Ranges traten fo viele Schattenseiten

und Gebrechen zu Tage, daß die gauge Nation badurch in Schmach und Erniedrigung fant. . Eine Menge fleiner Bofe, die in außerer Pracht und berichwenderischem Aufwand ben glanzenden Ronigefit in Berfailles nachahmten, übten auf bas öffentliche Leben, auf Sitten und Ansichten, auf Charafter und Bildung einen verderblichen Ginfluß. Bei der Ohnmacht bes Raifers und bem geringen Unsehen ber Reichstage und Reichsgerichte erlangten Die gabllofen Fürften und reichsunmittelbaren Standesherren eine völlig felbständige Stellung und übten die Rechte ber Landeshoheit fast ohne alle Beschränfung. Eitel und eifersuchtig suchte immer Giner ben Andern an Bracht ber Sofhaltung, an berichwenderischen Festlichkeiten und Sagdpartien, an toftspieligen Bauten, Gartenanlagen, Bildgebegen und Runftwerten ju überbieten. Die Refidengftadte und fürstlichen Luftorte mehrten sich mit jedem Jahr; jeder Burft hielt eine größere oder fleinere Angahl gemietheter, durch verschmitte Berber ausammengetriebener Eruppen, mehr jum Soldatenspiel als jum ernften Baffendienft, und Schaaren von Lataien, Sofbebienten, Stallburichen, Rammerdienern und Gefinde aller Art; ein Beer bon hofrathen, Beamten und Schreibern füllte die Sauptstädte und nahrte fich bom Mart bes Landes; Matreffen und Gunftlinge, Schauspielerinnen und Sangerinnen umschwarmten die Fürftenhöfe, übten ben unbeilvollsten Ginfluß auf die Regierung und bereicherten fich durch Stellen-Sandel und burch Bertauf von Meintern, Gunft und Protection. Babrend an ben Bofen und in den Palaften der Edelleute ein verschwenderisches Geft das andere brangte, robe Sinnenluft und außerer Glang die Bulfsquellen des Landes erichopften, murbe ber Burger und Bauer durch Steuerdrud, burch Abgaben und Leiftungen, burch Bolle und Sporteln in Armuth gefturzt und burch gewiffenlofe Amtleute, Advotaten und Richter jur Berzweiflung gebracht ohne bag ihnen irgend ein Weg der Abhulfe ober ber Rlage offen gestanden batte. Dan begnügte fich nicht, ben Standen die Disposition über die Landessteuern zu entziehen, Die Befugniffe ber ftanbifchen Ausschniffe, wie fie in Burtemberg und Sannover bestanden, einzuschränken, es follte zugleich jeder Berfuch eines gesetzlichen Biberftandes gegen die Uebergriffe bes Absolutismus unmöglich gemacht werben. Ueberall herrichte Billfur und Bedrudung bes Schwachen durch ben Starten, eine Migregierung, "welche bie Gebuld Gottes und ber Menschen auf die Brobe ftellte." Das wirthschaftliche Leben beugte fich unter bem Drud ber Armuth und ber Berruttung. Bie follte nach langen Jahren ber Roth und Bedrangniß ber Landbau gebeiben, fo lange Feudalität und Leibeigenschaft fortheftand, fo lange bie Steuern und Abgaben nur auf bem Burger und Bauer lafteten, Die Abels. guter frei waren; wie follte bas Gewerbe auftommen im Bwange veralteter Bunftordnungen, hoher Gebühren und Laften, ohne Sporn und ohne Betteifer, in gabllofe Schranten eingezwängt, an ben engen Raum ber Erbicolle gebunben, meiftentheils von confessioneller Ausschlieflichkeit niedergehalten! -Bie follte ber Sandel bluben, bedrangt von ber Biscalitat ber berrichenden Steuerspiteme.

gebranbichatt burch widerfinnige Binnengolle, ohne genügende Bege und Bertebremittel, niedergebalten burch die fleinstaatliche Mannichfaltigfeit ber Sandelspolitit. Geschang, Maage, Gewicht- und Mungwesen, gestort burch die territoriale Beripfitterung ber fleineren Berricaften und Gebietstheile, welche genahrt burch bynastische Gifersucht "den natürlichen Blutumlauf hemmten"! Die deutsche Tugend und Rechtschaffenheit wurde in ben hobern Rreisen migachtet und frangoffichem Big und frangofischer Leichtfertigfeit nachgeftellt; bas beutsche Boltsthum entwich gang und gar, und frangofifche Sprache, Literatur, Sitten und Moben herrfchten in unbestrittener Geltung. Wer für fein und gebilbet angefeben werden wollte, mußte frangofifch fprechen. Ratur, Freiheit und Dannerwurde waren unbefannte Dinge. Bie Alongeperrude, Reifrod, gepuderte Baare und die gange abgeschmackte Tracht die Menschengestalt gum Unkenntlichen entftellten, fo wurde ber Charafter und ber Berth bes Mannes nach Rang, Orden und Titel beurtheilt. Rur die funftlerische, wiffenschaftliche und lite rarische Bildung jog aus der ftaatlichen Berriffenheit und ber politischen Dede Für das Aufblühen der Runft und Literatur, für das Bachsthum ber Bildung und Biffenschaft maren bie beutschen Refidengftabte und bie gablreichen Fürstenhöfe, namentlich in der zweiten Salfte bes 18. Jahrhunderts. bochft forderlich, mare nur biefer bobe Bildungsgrad und biefe Literafurbluthe ein genügender Erfat gewesen für die Berarmung des Bolls, für die Abnahme ber Charafterstärke, ber Thattraft und ber mannlichen Tugend und fur ben Untergang aller politischen Freiheit, alles öffentlichen Lebens, aller praktischen Boltsthatigfeit, alles vaterlandischen Gefühles. Dabei hatten bie Religions. tampfe und confessionellen Streitigkeiten ihren ungebeminten Fortging und störten allen politischen und vaterlandischen Gemeinfinn; und die ultramontane Bropaganda feste ihre Bemühungen fort, in den fürftlichen und ariftofratischen Rreisen Profeluten zu gewinnen.

#### b. Bfalg. Baben. Beffen.

1. Bfalg.

Bie freute fich Johann Bilbelm von ber Bfalg (G. 586), bas burch die Johann Gnade Sottes nicht nur die rheinische, sondern auch die fachfische Aurwurde wieder in Bilbelm Gnade Sottes nicht nur die rheinische, sondern auch die fachfische Aurwurde wiedelne 1690-1716. tatholifche Bande gekommen war, daß durch feine eigene agitatorifche Thatigkeit um diefelbe Beit die Ryswidiche Claufel bem Friedensinstrument beigefügt und damit die reformirte Bfalz dem Betehrungseifer und der Berfolgungefucht der Sefuiten ichuglos preisgegeben ward! Er widerftrebte aus allen Rraften ber Aufnahme bes ebangelifchen Bergogs von Sannover in bas Rurcollegium. Es machte ihm wenig Rummer, bag Frankreich feine Grenzen über pfalgifche Ortichaften ausbehnte und brudenbe Bollftatten errichtete; konnte er doch unter der Beihülfe des "unvergleichlichen Monarchen" von Berfailles in turpfalgifden und zweibrudifden Orten bie Rirden ausschlieblich bem romifdetatholifchen Gultus einraumen, in mehr als hundert anderen die reformirten Bemeinden zwingen, ihre Gotteshaufer mit einer kleinen Bahl eingewanderter oder angefiedelter Ratholiten ju theilen und allenthalben Rlofter und Orbenshaufer als Bertftatten der Befchrung

errichten! Auch von ber Beil. Seiftliche in Beibelberg murbe ber Chor burch eine Scheidewand von bem Schiff getrennt und den Ratholiken übergeben. So confequent wurde diefes Berfahren mahrend ber gangen Regierung Johann Bilhelms eingehalten, baß, wie die Zefuiten triumphirend rubmen tonnten, dem tatholifchen Cultus 240 Rirden geöffnet wurden ohne daß bei einer einzigen katholischen die Reciprocität kattgefunden. Und wie mit den firchlichen Gebauden fo wurde es auch mit dem Rirchenvermogen und ben geiftlichen Gintunften gehalten. Mit Militar und Polizei 'wurden die Brotestanten gezwungen, die tatholischen Zeiertage zu beobachten, den Brozesstonen und Ceremonien durch Aniebeugen ihre Chrfurcht ju bezeugen. Der Befchichtschreiber der Bfalg bezeichnet diefe Beriode als die Jahre des "Archlichen Terrorismus." Erft als mabrend des fpanischen Erbfolgefrieges die wider Frankreich verbundeten reformirten Staaten fich der bedrängten Confessionsverwandten annahmen und die preußische Regierung mit Repreffalien gegen die Ratholiten brobte; murbe burch die "Religionebeelaration" vom 3. 1705 den Gewaltthatigkeiten Ginhalt gethan und Gewiffensfreiheit gewährt. Aber von Ruderstattung ber Rirchen und geiftlichen Guter war teine Rebe. Und ba man nur dem außeren Swang nachgab, dem Rechte gewaltsamer Belehrung teineswegs entfagte, so traten auch nach diefer Beit häufig genug Falle des retatholicirenden Spftems und des ungerechteften Theilungsverfahrens ein. Die Entzweiungen zwischen Lutheranern und Calviniften, die unter einander eben fo erbitterte Rampfe der Intolerang führten, wie gegen bie Romanisten, arbeiteten ber tatholischen Regierung in die bande. Bie uns befannt, trug Johann Bilhelm als Frucht feiner habsburgifchen Politit in dem erwähnten Rriege bei der Achtserflarung feines Bittelsbacher Bermandten Mag Emanuel die Oberpfalz davon, die im dreißigjahrigen Rriege dem rheinischen Rur. 1708. fürsten entriffen worden mar; aber er erfreute fich biefer Erwerbung nicht lange; in den Friedensichluffen von Raftatt und Baden murde der Bundesgenoffe Rudwigs XIV. wieder in alle feine chemaligen Besitungen hergestellt. Dafür hatte benn ber Pfalzer die Freude, das die "Apswider Claufel" aufs Reue anerfannt ward! - Gludlicher war Johann Bilbelm in feinen Bemühungen, durch Bertrage mit bem Bifchof bon Borms, feinem Bruder, und bem Martgrafen von Baben mehrere Territorien und Stadte, beren Befit bisher ftreitig gewesen, an die Pfalg zu bringen, so daß die Memter Ladenburg und Rreuznach mit einer Angahl umliegender Ortichaften den Rurlanden beigefügt murden. Aber die Bezeichnung "fröhlich Bfalz" tonnte nicht mehr auf die fconen Territorien am Redar und Rhein angewendet werden. Das Reuburger Fürftenhaus fühlte fich nicht heimisch in bem calvinifden Lande; ber Bof weilte lieber in Duffelborf, in dem tatholifden Berg-Clevefchen Lande, wo die absolutistisch-jesuitische Regierung auf teine firchenrathliche Opposition fließ, wo der Lugus, das Freudenleben, die prunkende hofhaltung, die Genuffe und Luftbarteiten, an denen Johann Bilbelm gleich dem frangofifden Monarchen fo großes Gefallen fand, nicht durch Riftone und unliebfame Crinnerungen geftort wurden. Bahrend bas Beibelberger Schloß mehr und mehr verödete, trat Duffeldorf in die Reihe der glanzenden fürftlichen Refidenzen ein, wo Luftfchloffer, Prachtbauten, Runftfammlungen und Gemalbegalerien ben bornehmen ariftofratifden Ginbrud berborbrachten, auf den jene Beit fo hohen Werth legte. Manche niederlandische Meisterwerte, die jest die Bilberfale Mundens fcmuden, zierten einft die turfürftliche Refibeng Duffeldorf. "So ftellte fich Johann Bilhelm den Sofen ju Berfailles, Dresten, Braunschweig, Caffel an die Seite; der Beihrauch, den ibm Jefuiten, Soflinge und Runftler ftreuten, mußte ihm freilich ben vertummerten Buftand feiner pfalzifchen Befigungen verhullen. Benn er allenthalben in dem Lande Julich durch fürstliche Freigebigkeit den mächtigen Monarden zur Schau trug, wenn er Duffelborf durch glanzende Bauten, namentlich durch die Unlage der Reuftadt, vergrößerte, so war das Grund genug, daß man ihm dort

eberne Statuen feste und ihm bei Lebzeiten mit der Soffnung auf Unfterblichteit schmeichelte; in der rheinischen Pfalz freilich gab es nach den Rriegsjahren von 1689 und 1693 Größeres zu thun, ale Luftichlöffer zu bauen und Bildergalerien anzulegen."

Rarl Bhilipp 1716-1742

Mis Johann Bilhelm, trop zweimaliger Bermahlung finderlos, aus der Beit ging, folgte ibm fein Bruder Rarl Shilipp in einem Alter von funf und funfzig Jahren. Dem geiftlichen Stand, ju dem der gurft Anfangs bestimmt mar, batte er entfagt und war in öfterreichifden Ariegebienften jum Feldmarfchall und Statthalter von Eirol emporgeftiegen. Die erften Dagregeln des neuen Regenten erfüllten die Pfalger mit ber hoffnung befferer Beiten : die brudenden Auflagen murden ermäßigt, die Sofhaltung und die Leibaarde vermindert, viele entfremdete Rammerauter gurucaefordert. follten jedoch diefe hoffnungen gerrinnen! "Leute, fo in ihrer Jugend nicht gar ordentlich gelebt haben und alt werden," fcrieb Glifabeth Charlotte an die Raugrafin, "benen machen die Pfaffen die Bolle beiß." Diefes Urtheil mar bei Rarl Bhilipp gutreffend. Er lentte ganz in die Bahn des Bruders ein, wendete Geiftlichen und Monchen fein Bertrauen zu und umgab fich mit einer Schaar von geheimen Rathen, "Conferenzminiftern", Bof- und Amtleuten, die mit ferviler Devotion feinen Befehlen und Bunfchen nachtamen. Er ließ ein Bebot ausgehen, daß der Beidelberger Ratechismus außer Bebrauch gefest wurde, gab die Rirche zu beilig Beift in Beibelberg ben Ratholiten, ftellte proteftantischen Burgern, die in gemischten Chen lebten, die Alternative, ihre Rinder tatholich zu erziehen ober auszumandern. Die Rlagen der Pfalzer Reformirten über Drud und Beeintrachtigung bilbeten einen ftebenden Artitel auf bem Reichstag ju Regensburg, wo die Gesandten der protestantischen Stände, das Corpus Evangelicorum eine machtlofe Soupbehorde bildeten gegenüber der von Raifer und Bapft unterftupten tatholifden Mehrheit. Als im 3. 1720 eine Angahl evangelischer Regierungen, England, Die Riederlande, Breußen fich der bedrängten Calviniften Beidelbergs annahmen und es dahin brachten, daß der Aurfürst Karl Philipp die beil. Geistlirche wieder herausgeben, den Fortgebrauch des Beidelberger Ratechismus gestatten und einen Ebeil des entfrembeten Rirchenvermogens ben reformirten Religionsverwandten gurudftellen mußte, rachte fich berfelbe daburch, bag er feine Refidenz und ben Sig ber Regierung nach Mannheim verlegte. Die Stadt foll zu einem Dorfe werben, fprach ber gurnende gurft, und Gras Arril 1720. vor ihren Saufern machfen. Im grubjahr mandte Rarl Bhilipp bem alten Stammfchlof der Pfalggrafen bei Rhein auf immer den Ruden und vertauschte die bewaldeten Sugel mit der fumpfigen Rheinebene von Mannheim und Schwepingen. Die ricfenhafte neue Refiben; am Ufer bes Stromes mit ihren bichten Steinmaffen, bas Raufbaus, die Besuitenfirche und fo manches andere Bauwert gaben der neuen Sauptftadt in Rurgem ein ftattliches Anfeben. - Bon Raifer Rarl VI. glaubte fich der Rurfurft in seinen religiösen Streitigkeiten nicht genugend unterftust, er neigte fic baber ju Frantreich. Als in Folge ber polnifden Succeffion ber neue Rrieg gwifden ben Sabsburgern und Bourbonen ausbrach, foloffen die Bittelsbacher Bofe von Munchen, Mannheim und Köln einen Reutralitätsbund, welcher den Kriegsoperationen der französischen Heere am Rhein von erheblichem Bortheil mar, dem Pfalzer Lande aber neue Leiden und Drangfale brachte. Bahrend Raifer und Reich mit Frankreich im Rriege lag, fanden die hohen adeligen Feldherrn und Offigiere Ludwigs XV. an dem Mannheimer Bofe glangende Aufnahme und Bewirthung. Denn Rarl Philipp "fucte feine Chre und Bergnügen im Prunken und in Festen" so zeichnet Schloffer mit scharfen Bugen den rheinischen Rurfürften, "berfolgte die Reformirten, errichtete Bauwerte, ftellte große Ragden an, ward angestaunt und berehrt bom hohen Abel, der bei ihm Bewirthung und Beitvertreib fand; benn er bewirthete diefen mit bewunderungswürdiger Raltblutig. feit, mahrend der Bauer por feinen Augen unterging." Diefes Bundniß führte die

Balg auch im öfterreichischen Erbfolgetrieg auf die Seite des baierischen Pratendenten und seiner Beschüger und bewirkte, das der langjährige Streit zwischen Breugen und ber Pfalz über einige Territorien in Julich, Cleve, Berg zu Gunften des Erbnachfolgers on Rarl Philipp des Pfalzgrafen Rarl Theodor von Sulzbach ausgeglichen ward. Bahrend diefes Rrieges ftarb Rarl Philipp im einundachtzigften Lebensjahr, ein gurft, 21. Derbr. er wie fein Borbild Ludwig XIV. von Schmeichlern und Soflingen viel gepriefen vard. "Rarl Philipp war ein gurft wie die meiften diefer Beit" beift es bei Bauffer, frivol und dabei unduldsam, genußsüchtig und doch bigot, ohne ernstlichen Sinn für as Regieren und doch voll ftolger Einbildung auf feine angestammte Regentenwürde. fr befaß die außeren Gaben eines hof- und Beltmannes in hohem Grade; in feiner rüheren Beit ein fconer und galanter Berr mußte er noch in feinem Alter ju imponiren; und wenn er in den öffentlichen Audiengen mit liebenswürdiger Milbe und freundlichkeit den Untergebenen fich nahte, mochte man in ihm nicht den Fürsten vernuthen, der jum Boble feines Landes fo wenig, jum Unbeil fo vieles beigetragen bat."

Mit Rarl Philipp erlofc bas Reuburgifche Fürftenhaus und bas fcone Erbe fiel an Larl tarl Theodor, den jungen Sprofling der Sulabacher Rebenlinie, der mehrere 1742-1799. labre in Mannheim erzogen worden war und turz vor dem Tode des hochbetagten Rurürften fich mit deffen Enkelin Elifabeth vermählt hatte. Bie die Reuburger waren auch ie Sulabacher Pfalggrafen einft dem evangelischen Glaubensbetenntniß zugethan, aber er Großvater Rarl Theodors hatte ber Beitströmung gehuldigt, und die Jesuiten, benen arl Bhilipp bie Erziehung feines tunftigen Erben übertragen, hatten dafür geforgt, af der Entel fest zu der Fahne Rome hielt und ben Lehren und Rathichlagen ber brbensbruder ein williges Dhr lieb. Wir werden diefem Fürften, ber am Reujahrs. ig 1743 als achtzehnjähriger Jungling die herrichaft der Rheinpfalz antrat, nach ier und dreißig Jahren auch noch das Bittelsbacher Erbe in Rurbaiern erlangte und m Ende bes Jahrhunderts in Munchen aus ber Belt ging, noch öfters begegnen. icht ohne Bohlwollen und Gutmuthigleit und empfänglich für Bildung und für die unfte des Friedens mar Rarl Theodor in feinen jungen Jahren von der Bollsgunft geagen, fo großen Anftof auch das genußreiche üppige Leben des wolluftigen und leichtanigen Fürften geben mochte und fo febr die Reigung ju Runft und Literatur, die er abrend feiner gangen Regierung an den Sag legte, nur ein Stud eitler oberflächlicher rachtliebe mar. Und noch lange betrachteten die Pfalzer die Regierung Rarl Theodors omit ihr felbständiges Staatsleben ju Ende ging, als bas goldene Beitalter, als bas hte Abendroth eines fonnigen Tages. Die Gutachten und Instructionen, welche die uitifchen Rathgeber bem jungen Fürften ertheilten, laffen ben Bang und Charafter iner Regierung ertennen. Pater Seeborf führt den Gedanten aus, "daß die Fürften it größtem guge die Gotter biefer Belt genannt murben, ftellt alle einzelnen gurftenlichten mit ben Eigenschaften Gottes, wie fie die Dogmatit erfand, in Parallele und it diefes theologischebantische Beal eines alttestamentlichen Königs seinem Bögling 8 Fürftenspiegel entgegen. Die materielle Boblfahrt feines Landes läßt er ihm als chftes Biel erscheinen, Beld und Credit als ben Prufftein einer guten Regierung, und in felbft gibt er die gefährliche Lehre, daß ber Landesherr verwenden und dispenfiren rfe, was er wolle, wenn das Geld nur im Lande bleibe." Ein anderer gab dem Renten Anweisungen, wie er fich in religiofen Dingen verhalten moge. Er follte für rweiterung und Fortpflanzung ber tatholifden Rirche fich thatig erweifen, dabei aber e "öffentlichen Mergerniffe" vermeiben, alle boberen Memter nur mit Ratholiten befegen, Uebrigen aber gegen die Protestanten milbe verfahren, damit die anderen Regierigen teine Beranlaffung ju Befcwerden oder Interventionen erhielten, "bis die tathoben Botentaten burch gottliche Schidung die Oberhand gewannen." In ber aus-

wärtigen Politit wird das Berhalten Karl Philipps zur Nachahmung empfohlen : Rothdurftige Erfüllung der Reichspflichten, enges Anfchlichen an Baiern und gutes Ginvernehmen mit Frankreich, in Kriegsfällen fo viel als möglich Reutralität. Grundzügen entsprach die ganze Regierung Karl Theodors: Die franzöfische Bolitik blieb borherrichend und der Aurfurft ließ fich feinen Beiftand im öfterreichischen Erbfolgetrieg und im fiebenjährigen Rrieg mit Subsidiengeldern lohnen; und wie fehr das hof- und Gefellschaftswesen der frangofischen hauptstadt, die monarchische Pracht und Berrlichkeit von Berfailles, die Ueppigkeit und das Luft- und Freudeleben der hoberen Rreise des Rachbarreiches in den theinischen Landen jum Borbild diente, davon geben noch jest die Prachtgebäude und Gartenanlagen in Schwehingen mit den Baffertunften, ben Alleen, den mythologifchen Bildwerten, den Marmortopfen weiblicher Schonheiten, das Theater in Mannheim und fo manche Anftalt fur Runft und Genuffe Beugnis. Bie follte auch in einem Beitalter, da die frangofische Ration in allen Dingen von dem gangen gebildeten Europa nachgeahmt wurde, unter einem fo genuksuchtigen Fürsten wie Rarl Theodor die Pfalz fich von frangofischen Ginfluffen frei halten! Go darf man fich nicht wundern wenn in dem Aurfürstenthum alle Schaden und Gebrechen ber Befellicaft und des Staatslebens zur Ericeinung tamen, wie fie in dem linterbeinischen Reiche der Revolution vorangingen : eine glanzende Hofhaltung mit einer zahlreichen Hofdienerschaft verschiedenen Ranges, toftfpielige hof. und Adelbjagden, Borrechte und Steuerbefreiung der boberen Stande, Bertauf von Memtern und Anwartichaften, von Pfarr- und Schulftellen mit allen daran getnüpften Corruptionen, Migbrauchen und Bedrudungen; Bererbung einträglicher hof- und Regierungsstellen oder Profeffuren in gewiffen Familien. "So wie es in Frankreich Stabsoffiziere in den Bindeln oder Aebte und Domherrn in der Biege gab, fo bildeten auch in der Bfalg manche Dicafterien eine patriarchalische Folge von Söhnen und Sowiegerföhnen; das hofgericht g. B. gablte lauge Beit fo viele Minderjährige, daß man es spottend das "jüngste Gericht" nannte und es war teine gabel, daß mancher jum Professor an ber Beidelberger Universität defignirt mar, bevor er feine Schulftudien abfolvirt hatte." Befonders dienten folche Bevorzugungen zu religibfen Bweden : Rie war bas Syftem ber Betebrungen fo fehr in Bluthe als unter ber Regierung Rarl Theodors und feines Ministers, des Marquis d'Itter. Rur ging man behutsamer und borfichliger zu Berke als unter den vorhergebenden Regierungen: Gewaltsame Reactionen und Gemiffenszwang widerftrebten bem Beitgeifte; um fo eifriger betrat man die Bege der Berführung : die Richter- und Berwaltungsftellen, felbst die Gemeindeamter wurben nur an Ratholiten vergeben; eine Betehrungstaffe gewährte, wie in den Beiten Ludwigs XIV. die Mittel jur Ertaufung Armer und Leichtfinniger; Auszeichnungen, Berforgungen mit Dof- und Regierungsftellen, mit militarifden Memtern waren fur Chrgeizige lodende Preise jum Uebertritt. Der Jesuitenorden in Beidelberg, der in den sechziger Jahren auf mehr als vierzig Glieder flieg, hatte ein fruchtbares Arbeitsfeld. "Bundertfach verfchlungen maren bie gaben, aus denen fie bas Ret ihrer Seelenfijderei Die baufigen Auswanderungen aus dem foonen Lande, über die ichon Schlözer feine Berwunderung aussprach, batten ihre Hauptquelle in den religiösen Bedrängnissen. Und trop aller dieser grellen Schlagschatten sprach die folgende Gene ration : "Unter Rarl Theodor war die Pfalg in Blor!" Roch jest prangt fein ftattliches Standbild auf der von ihm erbauten Redarbrude und die heidelberger Burgerschaft errichtete ihm ju Chren bas Rarlothor in Form eines Triumphbogens : im Schlofteller ju Beidelberg wird noch jest ben Fremden bas große Sas als Bahrzeichen des bamaligen Reichthums gezeigt. Diese Berherrlichung hatte ihren Grund nicht nur in der historifden Gentimentalität, in bem particulariftifden Baterlandsgefühle, womit jedes Bolt auf feine Befchichte, auf feine untergegangene ftaatliche Selbftandigkeit jurudblidt,

bie Regierung Rarls Theodor hatte auch einige ruhmliche Seiten aufzuweisen, wenigfiens in den früheren Jahren, ebe er nach Munden überfiedelte und Beiber, Gunftlinge und Bfaffen ganglich Meifter über ihn wurden. Bie fcon ermabnt theilte er mit der frangofifden Ariftocratie die Liebe fur Runft, fur miffenicaftliche Bildung, fur Berfonerung und Bereicherung bes Lebens. Der Aderbau und die gefammte Landwirthicaft erfreute fich einer forgfältigen Bflege; in Frankenthal erhoben fich blubende gabriten; der Flug- und Landhandel wurde gefördert. Und wenn auch die Universität Beidelberg unter bem Ginfluß der Ordensgeiftlichen, welche die meiften Lehrftuble inne hatten, fich nicht zu dem frischen geistigen Leben aufzuschwingen vermochte, das damals in Deutschland seine Schwingen zu regen begann ; so hat doch Karl Theodor, der mit Boltaire in brieflichem Berfehr ftand und die frangofifche Bildung bewunderte, durch Grundung von wiffenschaftlichen Anftalten nach bem Mufter des Rachbarftaats auch die Bfalg in den Rreis der Cultur und Beitbildung ju gieben gesucht. So entstand die pfalgische Academie, durch welche die altere Landestunde vielfach gefordert mard; fo trug die phyfitalifc-otonomifche Gefellicaft, die in der Folge ale ftaatswirthicaftliche hobe Schule neben die Beidelberger Universität trat, viel gur Bebung des Landbaues und der Cameralwiffenschaft bei; fo nahm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in Mannheim Theil an der literarischen Bildung ber Ration. Die Sternwarte, die hofbibliothet, die miffenschaftlichen Sammlungen aller Art, die Bilbergalerien und Kunftfabinete, das Theater für Oper und Schauspiel erfreuten fich eines großen Aufes. Bon den trefflichen Gypsabguffen haben Goethe und Schiller die erften Gindrude antiter Runftidealitat empfangen. Bir werden im nachften Band erfahren, wie enge der große dramgtifche Dichter aus Schwaben in den achtziger Sahren mit der Mannheimer Hofbuhne verbunden war. Alle diefe Schöpfungen rechnete das Bolt dem Berdienft des Rurfürften an ; das Schlimme, das unter ihm gefcah, murde feinen Rathgebern und Beamten jugefchrieben. Daß ber junge finnlich angelegte gurft fich mit Matreffen und Schauspielerinnen vergnugte, mar die damalige Belt gewöhnt. Bei Rarl Theodor lag noch ein Entschuldigungsgrund vor, weil die Rurfürstin nach einer ichmeren Entbindung ben festen Entschluß gefaßt batte, fich fortan alles ehelichen Umgangs zu enthalten. Der Fürft pon Brezenheim, auf dem des Baters hohe Gunft rubte, hatte die jur Grafin von Sabded erhobene Schaus fpielerin Sepffert jur Mutter.

Auch die Territorien, die fudmarts von der Pfalz vielfach zerriffen und getrennt, 2. Baben. in unendlichen Barcellirungen fich bis jum Oberrhein und den Borhohen des Somarge waldes ausdehnten und ben Martgrafen von Baden : Baden und Baden . Durlad gehörten, maren ben politifden und religiofen Sinwirtungen ber beiden Großmächte Frantreich und Defterreich ausgesett. Beibe Linien letteten ihren Urfprung von den Babringern ab (VI., 647), verfolgten aber in den entscheidenden Lebensfragen berfchiebene Bege. Bahrend Martgraf Philipp II. von Baden-Baden unter der Gin- Bollipo 11. wirfung feiner baierifden Bermandten und Bormunder von dem enangelifden Glaubensbetenntniß, dem beibe fürftlichen Saufer beigetreten maren, der tatholifchen Rirche 1875-1888. wieder zugeführt ward und in allen feinen Gebietstheilen den Gottesbienft nach den Borfdriften des Tridentinum einrichten ließ, beharrten die Rachtommen Rarls II. von Babens der Pforzheim-Durlacher Linie, des Erbauers der Rarlsburg, die von der Durlacher Durlach Berghohe niederschaut, bei bem evangelischen Lehrbegriff. Der Berfuch feines ameiten 1853-1877. Sohnes Jacob, eines wiffenschaftlich gebildeten Fürsten, Die tatholische Religion, für (Jacob III. Die er durch ben eifrigen Convertiten Joh. Pift orius und durch Rermandte bom + 1890). die er durch den eifrigen Convertiten Bog, Pilivine und vang beitelsbach gewonnen worden, auch feiner Markgraffchaft hochberg aufzuzwingen, Georg Fried. Ben von Bondens und dem Erloschen seines haufes. Den von Bondens jungften Sohn Rarls II., ben Martgrafen Georg Friedrich, ber nicht blos bie Purlad

fammtlichen Befigungen feines Baters, Pforzheim-Durlach und Bochberg erbte, fondern auch ben größten Theil ber Baben-Badenichen Lande von bem leichtfinnigen verschwen-Sbuard derifden Bermandten Cou ard Fortunatus an fich brachte, haben wir fruher als tapfern von Baben. Bortampfer ber ebangelischen Sache ju Anfang bes breißigjabrigen Rrieges tennen ge-+ 1600. lernt (XI., 851). Um feinen triegerifchen Reigungen ungehindert folgen gu tonnen, Briedrich v. hatte er bei feinem Auszug feinem Sohne Friedrich V. die Regierung übertragen, von Baben- baber auch die Markgraffchaft, als jener nach mannichfachen Schickfalen und Rriegs-+ 1880. thaten bei der Union und Christian von Danemart, in Strafburg ftarb, seinem Saufe erhalten blieb. Doch wurde die obere Markgrafichaft Baden, Baden, die Georg Friedrich turge Beit befeffen hatte, durch taiferlichen Machtspruch dem Sohne Couards, dem Bilbelm frengtatholifchen Bilbelm guruderftattet (XI., 1015). Ebuard und Bilbelm Baben führten ein vielbewegtes Leben. Der erstere hatte in ben Riederlanden, wo er viele + 1677. Jahre in spanischen Diensten gegen die calvinischen Bollander focht, eine unebenburtige Che gefchloffen, daher fein Sohn, als Eduard nach vielen Unthaten und Gewaltstreichen durch einen Treppenfturg in einem Birtenfelbichen Schloffe fein Leben verlor, nicht für fucceffionsfähig anerkannt ward. Erft nach der Bimpfener Schlacht wurde er burch Berdinand II. in das vaterliche Erbe eingesest. Dafür begunftigte er die Sefuiten, die in Baben und Ettlingen reich ausgestattete Collegia errichteten, und grundete mehrere Rlofter. Rach mancherlei Bechselfallen in den letten Rriegsjahren wurden im weftfällichen Frieden die beiden martgräflichen Baufer wieder in den alten Territorien bergeftellt und die confessionelle Trennung beibehalten. Als die Robemacherniche Rebenlinie ausstarb, fielen auch die Befigungen derfelben im Lugemburgifchen an Bilhelm. Er erreichte ein Alter von vierundachtzig Jahren und hatte feinen Entel Ludwig Bilhelm, ben uns wohlbefannten Reichsfeldmarichall jum Rachfolger, gleich bem Bater Briedrich VI. ein getreuer Anhanger des Raiferhauses und der tatholischen Rirche. Auch Friedrich VI., Durlad, von der Durlacher Linie, der in demfelben Jahr mit Bilhelm ftarb, bethatigte feine † 1677. Tapferkeit und seinen kriegerischen Sinn als Reichsfeldherr in den Ungarnkriegen. Dagegen war fein Sohn und Rachfolger Friedrich Magnus, im Gegenfat zu feinem Andreis von gleichzeitigen Better Qubmig, bem Erbauer bes Refibengichloffes in Raftatt, mehr ben Baben Runften des Friedens jugethan. Doch hatten beide Grenglander viel von bem bofen + 1707. Rachbar gu leiben. Als Freunde des Raifers und Reichs fühlten fie in allen Rriegen magnus von bie erften Schlage. Mit ben zwei Sohnen Ludwig Bilhelms, Ludwig Georg und Baben-Dure August Georg, welche nach einander die Regierung in der oberen Markgraffchaft lach. + 1709. Beorg führten und ber politischen und religiosen Richtung des Hauses treu blieben, erlosch die + 1761. Linie Baben-Baben, worauf bas Land traft einer im 3. 1765 geschloffenen Erbver-+ 1771. bruderung an die verwandte Linie Baben-Durlach fiel, doch fo, daß die im weftfalischen von Baben. Frieden festgesetten religiösen Bestimmungen fortbestanden. Damit begann für das Land Baben. Frieden festgesetten religiösen Bestimmungen fortbestanden. Damit begann für das Land Rart Baden eine neue Mera. Denn wie fehr auch Rarl Bilbelm, ber Sohn und Rach: + 1738, folger von Friedrich Magnus bemüht war, die Bunden zu heilen, welche die Rriege awifden Frankreich und dem Reich ben Durlach'ichen Landen gefclagen, durch Unlegung ber neuen Sauptstadt Rarlsrube (1718), burch Berbefferung bes Gerichte wefens und ber Bermaltungscollegien, burch Errichtung gemeinnütiger Anftalten in Pforzheim in neue Bahnen einzulenken, so konnte doch erft sein Enkel und Rachfolger Rarl Briebt Rarl Friedrich, nachdem er fammtliche Befigungen der Babringer-Badenichen Marfgrafen unter feinem Scepter bereinigte, eine Birtfamteit entfalten, deren fegensreich Früchte in allen Gebieten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fich tund gaben. Bir werden diefen hervorragenden Fürsten, der unter der vormundschaftlichen Leitung seiner berftandigen Mutter, einer Oranierin, trefflich herangebildet ward und seine natürlichen Anlagen durch Studien und Reifen fruchtbar entwidelte, in ber Folge noch ofters begegnen

Ein warmer und thatiger Freund aller Fortschritte und Reformen seiner Beit bat er juerft, seitdem er im 3. 1746 die felbständige Regierung in Baden-Durlad angetreten und bann im 3. 1771 die martgräflichen Lande von Baben Baben bamit vereinigt hatte, seine gange Thatigkeit darauf gerichtet, sein Land und Boll zu heben und es für die boberen Aufgaben, die ibm von dem Schidfale bestimmt maren, berangubilben und ju befähigen. Durch unermudliche Fürsorge hat er mabrend feiner langen Regierung ein fleines Land muhfam aus dem Roben herausgearbeitet, um dann auf einem beinahe gehnfach vergrößerten Raume die gleiche Thatigkeit fruchtbringend zu entfalten. Richt nur daß er auf dem Gebiete der Bodencultur und der Industrie neues Leben fouf, das Sandels- und Bertehrswefen durch Befeitigung bemmender Schranten in Aufschwung brachte; auch Berichtswefen, Administration, Unterricht und Bilbung wurden im Beifte der Sumanitat und der neuen Beitrichtung gefordert.

Unter ben Sohnen bes Landgrafen Philipp bes Großmuthigen murben bie unter 3. Geffen. seiner Berrschaft vereinigten Länder in der Art getheilt, daß sein Erstgeborner Bilhelm IV. der Stifter der Raffeler Linie ward, indes fein vierter Sohn Georg Bilbeim bie obere Graffchaft Ragenellenbogen jum Erbtheil erhielt und Darm ftadt zu feiner \pm 1502. Die übrigen Theilfürstenthumer, welche die beiden andern Sohne Dar Refidenz wählte. Philipps grundeten, die Linie Marburg und die Linie Rheinfels in der niedern Graf = + 1596. fcaft Ragenellenbogen, erloschen frühzeitig, und ihre Lander gingen nach vielen Rampfen, Bertragen und Ausgleichungen in jene beiben Sauptlinien auf. Doch murbe bon bem Darmftabter Bebiet im fiebenzehnten Jahrhundert die Somburgifche Seitenlinie ausgefchieben, aus welcher mehrere bedeutende Felbherren bervorgingen, und aus bem Raffeler die Rebenlinien Rothenburg und Philippsthal. — Bahrend des breißigjabrigen Arieges verfolgten die Blieder des Saufes Beffen eine verfciedene Politit: wahrend Ludwigs Cohn Moris "ber Gelehrte", ein eifriger Betenner der calbinifchen Raffel Lehre, die er auch in dem ihm zugefallenen Marburgifchen Landestheile einführte, zu der + 1632. Union hielt, folos fich Georg's Sohn Qudwig V. an den Raifer an. Er ftiftete 1607 Enbw. V. von bie Univerfitat Gießen, um ben von Marburg vertriebenen lutherifchen Profefforen 7 1626. einen neuen Birtungetreis ihrer Lehrthatigteit zu eröffnen. Bir haben im elften Banbe diefes Berts ber treuen Anhanglichkeit gedacht, welche ber Sohn und Rachfolger von Moris, Bilbelm V. und seine Bittwe, die hochstnnige Landgräfin Amalia Elisabeth Bilbelm V von Kaffel aus dem Saufe Sanau mahrend ber Minderjahrigkeit ihres Sohnes Bilhelm VI. an + 1637. die Sache der protestantischen Confessionsverwandten und ihrer fcwedischen Berbundeten bewiefen. Das Land hatte deshalb furchtbar zu leiden und der mit der taiferlichen Acht belegte Landgraf fand seinen Tod als tapferer Streiter in Ofifriesland. Aber wir viffen auch baß heffen-Raffel i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eine Landvergrößerung an ber Befer erhielt (XI., 1015). Spei Jahre nach bem Frieden legte Amalia Elisabeth bie Befer erhielt (Al., 1015). Spet Ingre nach vem Beieben eine Gerechte" übernahm, ein Bithelm VI. "ber Gerechte" übernahm, ein Bithelm VI. fürft von baublicher Tugend und vorwurfsfreiem Lebenswandel, aber ohne bervor- + 1868. agende Cigenschaften. - Doch ging auch Georg II. von Darmftadt, welcher ber Georg 11. v. Folitit seines Baters treu auf Seiten des Raifers blieb und in den Brager Frieden + 1001. intrat, in Münster nicht leer aus. Sein Land wurde durch die niedere Grafschaft 'apenellenbogen vergrößert. Bugleich erhielt der Landgraf, der mitten im Rrieg bas 'armftadter Symnafium grundete, die Anwarticaft auf die Graffcaft Ifenburg. im die Beit d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wurde in beiden Landgrafschaften die Primoereitur eingeführt und bamit weiteren Landestheilungen vorgebeugt. Georgs Bruder riedrich machte, jur tatholifden Religion übertretend eine glangende Laufbahn als ropprior des Malteserordens, als Cardinal und Fürstbifchof von Breslau, wo er Biff. VII. 682 farb. Unter Bilbelm VII. wurde mit Lippe-Schaumburg ein Uebereinkommen + 1670.

## 946 G. Das achtzehnie Sahrh in ben bier erften Sahrzehnten.

getroffen, ju folge beffen die Univerfitat Rinteln ausschlieblich an Beffen überlaffen Rart von marb. Als Landgraf Bilbelm auf einer Reife zu Baris ftarb, trat fein Bruber Rarl + 1730. nach einer ungewöhnlichen Berlangerung der mutterlichen Bormundschaft die Regierung in Raffel an, ein unternehmender, gebildeter und freifinniger gurt, ber an ben triegerifden Borgangen feiner Beit thatigen Antheil nahm, ein ehrbares bausliches Leben führte und über der Jagdluft, der er leibenfcaftlich ergeben war, die Staatsgefcafte nicht bernachläffigte. 3m Gegenfas ju ber Politit feiner Borganger folos er fic an bas Saus Defterreich an, nahm an ben Rriegen gegen bie Surten und Frangofen Theil. wobei feine beiben jungeren Sohne Magimilian und Georg die bochften militarifden Chren erlangten, und gestattete nach der Ausbebung des Coltts von Rantes flüchtigen Sugenotten eine Bufluchtsftatte in feinem Lande. In Genf erzogen, war Landgraf Rarl ftete ein ftanbhafter Betenner der calvinifden Behre und der Colerang. - Aebn: Briedrich II. lich verfuhr fein ftammverwandter Beitgenoffe Friedrich II. "mit dem filbernen Bein" bon beffen fomburg, ber Rriegsheld unter Karl X. und bei Fehrbellin, der die beiden fomburg bon hoffer Friedrichsborf und Dornholzhaufen mit ausgewanderten Reformirten aus Frankreich bevölkerte. - Auch die Landgrafen von heffen-Darmftadt, insbesondere Lud. Entwig VI. wig VI., ein ebler, frommer, friedfertiger gurft, von deffen Liebe fur Biffenfchaft Ernft Libwig und Bildung die Universität zu Gießen, das Symnafium und die Sofbibliothet in † 1739 Darmstadt viele Beweise erhielten, und sein Sohn Ernft Budwig ftanden in den Rabt. Ariegen gegen Frankreich treu zu Raifer und Reich, wofür ihr Land, insbefondere die Bergkraße mehr als einmal von dem feindlichen Rachbar mit schwerer Ariegsnoth beimgefucht ward. Bon den Thaten des Bringen Georg von Darmftadt, zweiten Sohnes Ludwigs VI., ber bem Rufe Leopolds und ber romifden Rirche folgte und taiferlicher Feldmarfchall murde, haben mir früher gehort (S. 811. 813). Bu ben Kriegsleiden gefellte fich unter Ernft Ludwig noch eine verfdwenderifde Sofhaltung, welche Die Mittel des Meinen gandes ericopfte und eine beträchtliche Schuldenlaft herbeiführte, die feinen Rachfolgern manche Berlegenheiten bereitete. - In Beffen-Raffel folgte auf Briedrich Rarl fein altefter Sohn Friedrich, ben wir fruher als Gemahl ber Schwebentonigin † 1751. Ulrike Cleonore kennen gelernt haben. Bährend seiner Abwesenheit in Stockholm führte Wifb. VIII. sein Bruder Bilhelm, der fich im Auslande jum Ariegs- und Staatsmanne beran-von Kaffel gebildet und in den Riederlanden hohe Aemter bekleidet hatte, die Berwaltung in der Landgraffchaft und nach deffen Lod regierte er im eigenen Ramen. Beibe ftanden in ben Kriegen zwischen Maria Theresia und Friedrich II. auf der Seite Preußens und die heffifcen Regimenter bewährten ihre anerkannte Lapferkeit in mander Schlacht. Diefelbe Bolitit verfolgte auch fein jum tatholifden Betenntnis übergetretener Sohn und Rachfolger Friebrich II. riebrich II. Friedrich II., ein prachtliebender thatiger Fürft, der für die Berfconerung und Ber-† 1786. größerung der Hauptstadt und ihrer Umgebung durch Anlegung des Augartens und des Rarleberge nachmale Bilheimehohe genannt, für hebung der Runfte und Biffenfchaften durch Grundung einer Academie und gelehrten Sefellicaft, durch Erweiterung und Bervolltommnung des vom Landgrafen Racl gestifteten Symnasium Carolinum u. A. fid verdient machte und in die Staatsverwaltung mancherlei Aeformen im Beifte der Beit einführte, aber feiner Regierung einen dunkeln Fleden anheftete durch den Soldatenbandel. ben er schwungvoller betrieb als irgend ein anderer beutscher Furft. Sandte er boch im 3. 1776 für englifche Subfibien, die in die landgräfliche Raffe floffen, 12,000 Seffen nach America. Aber die Reichthumer, die er in feinem Saufe ansammelte, gereichten Bill. IX. weder dem Lande noch der Dynastie zum Segen und Bortheil. Seinem Sohne gleichen feit 1788. Ramens, welcher im 3. 1803 turg bor ber Auflö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die Burd eines Rurfürsten erwarb, werden wir in der Folge begegnen. - Die Darmftadter Limit hielt, ben Trabitionen bes Saufes getreu, in den Rriegen zwifden Defterreich und Breuger

jum Reich. Ludwigs VIII. Eruppen theilten die Rieberlage bei Ropbach und fein Ludw. VIII. Land hatte mahrend bes Krieges mancherlei Drangsale ju erleiben. Sein Sohn und + 1768. Rachfolger Qudwig IX., ein wunderlicher Fürft, der nur für Militarwefen Sinn hatte &ubn und mit feinen bochgewachsenen Grenadieren meiftens in bem entlegenen Stabtden Birmafens fic aufhielt, bas ihm mit ber Graffcaft Sanau-Lichtenberg jugefallen war, suchte ber großen Finanznoth ju fteuern, die durch die Rriege und die Berfdwendung und Sagdliebe feines Baters über das Land getommen war. Er ftellte den Freiherrn Karl von Moser an die Spise der Berwaltung und extheilte ihm hohe Boll-Aber der Minister fließ bei feinen burchgreifenben Reformen auf folden Biderftand, daß nur wenige feiner Entwürfe gur Ausführung tamen und er fogar wegen Risbrauchs ber Amtsgewalt bon feinen Segnern in Antlagestand gefest warb. Der geistreichen Gemahlin des Landgrafen, Karoline, und seines Sohnes und Rachfolgers Ludwig X., des erften Großherzogs werden wir an einem andern Orte gedenken. Die Rebenlinie von Deffen-Somburg hat eine Reihe gurften aufzuwelfen, welche Briebrid v. in allen Ariegen des achtzehnten und bes neunzehnten Sahrhunderts theils in öfterreich- homburg ischen theils in preußischen Diensten hervorragende Stellungen einnahmen und fich eben seit 1751 und fo febr durch militärisches Talent wie durch vaterlandische Gefinnung auszeichneten.

### o. Burtemberg unb Baiern.

Das Bergogthum Burtemberg hatte aus ben bielen Stürmen und Schiffbruchen, 1. bergogs thum Burdie im fechszehnten und fiebenzehnten Jahrhundert fein Staats- und Rirchenwefen er- temberg. schüttert, manches edle Gut in die Reuzeit gerettet. Seit dem Tübinger Bertrag (X, 133) befaßen die Landstände und ihre Bertreter, Die ftandigen Landesausschuffe das Recht, gemeinschaftlich mit der Regierung die Gefete zu berathen, die Steuern zu bewilligen und für "des Landes Bedürfniffe" ju forgen. Durch das gemäßigte und berftanbige Balten bes Bergogs Christoph, ber uns als Freund Magimilians II. und als aufrichtiger Anhänger der reformatorischen Lehren eines Iohannes Brenz und Iacob Andrea hinlanglich bekannt ift, waren die wangelischen Richenorgane und Schulanftalten in der fcweren Beit der Gegenteformation ausgebaut und gegen Arglift und Bergewaltigung geschützt, ein neues allgemeines Landrecht bauptsächlich auf romanischer Grundlage geschaffen und fur die politische und religiose Freiheit wie fur die geiftige und fittliche Bohlfahrt des Bolles manche zwedmäßige Ginrichtung getroffen worden. Das mit der Universität Tubingen verbundene theologische Stift hat als fruchtbare Bflangidule bervorragender Beifter durch alle Beiten fortgebauert. Diefem ausgezeichneten Fürften , ber mit gleicher Unificht und Thatigkeit für bas eigene Bolt, wie fur bie Bohlfahrt des Reiches forgte, von dessen Baulust noch viele Schlösser und Saläste in allen Theilen des herzogthums Runde geben , war es zu banten , daß Burtemberg in den drangfalvollen Beiten, die bald nach feinem Tobe über das Land hereinbrachen, nicht abermals von Desterreich verschlungen ward. Der einzige Sohn, ber den Herzog Christoph überlebte und nach einer langeren vormundschaftlichen Regierung dem Bater nachfolgte, Bergog Ludwig, war durch folechte Erziehung fruhe auf Abwege geführt gutwig worden. Der große Cifer, mit bem er die Bibel und die theologifden Schriften ftudirte, fo daß man ihm den Beinamen des "frommen" gab, hielt ihn nicht von der leidenfcaftlicen Truntfuct jurud, burch die er feine geiftigen und phyfifcen Rrafte bor ber Beit verzehrte. Bohl ahmte auch er in manchen Studen des Baters Beispiel nach, wie in ber Grundung eines, besonders für die Sohne bes Abels bestimmten gurftencollegium in Tübingen und des großen "Austhauses" in Stuttgart, aber es fehlte ihm an Charafterfestigkeit, Rraft und Ginficht. Bie febe er von bem Ginfluß feiner Gunftlinge und

Rathe abhangig war erfuhr der lateinifche Dichter und Philologe Ricodemus Frifchlin aus Baiblingen. Gin wigiger, geiftreicher aber ftreitfüchtiger Mann batte er fich mit den Professoren von Tübingen, insbesondere dem gelehrten Crusius verfeindet und den Abel durch die Satire "Lob des Landlebens" worin er die Barte und Robbeit der Gutsberren geißelte, tobtlich beleidigt. Angeklagt und verfolgt von feinen machtigen Gegnern wurde er als Befangener nach ber gefte hoben-Urach gebracht. Dort machte er einen Fluchtversuch, wobei er durch einen Sturz über die Felsenwände seinen Tod fand (1590). Eine Aristocraten- und Gelehrtenoligarchie, in welcher die Familie Ofiander, Abtommlinge des uns betannten Ronigsberger Theologen den erften Rang einnahm, befleibete die bochften Stellen in Rirche und Staat. "In der gangen theologischen Literargeschichte gibt es teine folche Familie, wo der Bater immer einen noch großeren Bolemiter jog, als er felbft mar, und bei welcher die ansehnlichsten geiftlichen Stellen in ununterbrochener Reihe fo lange erblich geblieben find." Bie Lucas Ofiander, der Schwager von Jacob Andrea unter Ludwig, fo übten feine Sohne und Rachtommen mehrere Generationen hindurch unter den folgenden herrichern den großten Ginfluß in Rirche und Biffenschaft, streitbare und muthige Kampfer für die evangelische Sache.

Als Bergog Ludwig am 8. August 1593 finderlos aus ber Belt ging, folgte Friedrich I. ihm fein nachster Bermandter Friedrich I. von Mompelgard in der Regierung, ein Mann bon gang anderem Schlag als ber Berftorbene, energifc, unternehmend und gebieterifd. Durch Studien gebildet, burch Reifen welterfahren, in der Schule Des benachbarten Frankreich in praktischer Bolitik unterrichtet, ergriff Friedrich die Bugel der Herrschaft mit fester hand. Herzog Ludwig hatte ihm das Bersprechen abgenommen, alle geiftlichen und weltlichen Rathe und Beamten in ihren Memtern zu laffen und in dem bisherigen System fortzuregieren; aber Friedrich tehrte fich wenig daran. Aurzem waren die bisherigen Machthaber entfernt, selbst Lucas Ofiander, als er gegen die Bulaffung der Inden in das herzogthum eiferte und mit seinen seelsorglichen Ermahnungen dem neuen herrn befchwerlich fiel, feines hoben Rirchenamtes entfest. Die Bestätigung des Tübinger Bertrags wurde von Jahr zu Jahr verschoben und Desterreich durch den Prager Bertrag jum Aufgeben feiner Afterlehnherrlichteit gegen eine hohe Geldentschädigung bewogen (X. 506), denn der Bergog wollte keine Racht neben ober über fich anertennen. Der landftanbifche Ausschuß mar gurudhaltend mit feinen Bewilligungen ; benn Friedrich brauchte viel Geld für feine Schulden, für feine Bertrage, Unternehmungen und Gutertaufe, fur feine Sofhaltung und ftebende Barbe, fur feine Soldmacher und Alchymisten. Mit Seufzen und innerem Biderftreben bewilligte ber Landesausschuß die Forderungen, um größere Gewaltstreiche abzuwenden. Der Tubinger Professor bes romifden Rechts, Mathaus Englin, ben Friedrich ju feinem Ranzler machte, war ein dienstwilliges Berkzeug für die absolutistischen Tendenzen seines 1607. Herrn. Als ber Bergog endlich jur Ginberufung eines Landtages fchritt um bei ber friegedrohenden Beitlage großere Geldbewilligungen zu erlangen, verfuhr er und Englin wie einst in England Rarl I. und fein Minister Strafford. Rach einer fünfzehnjahrigen Regierung voll innerer Rampfe ftarb Friedrich I. ploglich am Schlage, ein Fürft, deffen unruhige Reuerungefucht, Reformverfuche, rechteverlegende Billturhandlungen an die absolutiftischen Bestrebungen eines Richelieu und der Stuarts erinnern, nur das er ein eifriger Betenner der ebangelischen Lebre blieb, alle Berlodungen der Curie und ber Jefuiten flandhaft jurudwies. Den aus Defterreich vertriebenen Protestanten gewährte er auf bem ichwäbischen Schwarzwald eine Bufluctsflatte, aus welcher die "Freudenftadt" erwuchs.

Die Revolution, die Friedrich angefangen, verfcwand "wie ein Irrwifch" als fein 1608-1628. Cohn Johann Friedrich die Regierung übernahm. Der Bater hatte es nicht fehlen

laffen, den Erbpringen durch gute Erziehung und Reisen zu feinem Beruf heranzubilden. Er war in den theologischen Studien wohl bewandert und der lutherischen Lehre eben fo gugethan, wie Friedrich; aber sein Geist war beschränkt und anstatt der unruhigen neuerungsfüchtigen thatigen Ratur, die den Bater von Projett zu Projett trieb, befaß er ein phlegmatifches und lentfames Temperament. Er hatte viele Jahre gebraucht, ebe er fich gur Berbeirathung mit Cophia Barbara von Brandenburg entichlof und als der Rrieg zwifchen Union und Liga ausbrach, "schrieb er Buß- und Bettage aus, wo vielleicht sein Bater mit einer Armee ausgerudt fein wurde." Die alten Rathe und Beamten, die bon Friedrich befeitigt worden, tamen wieder zu Einfluß und Ansehen und bildeten eine Partei der Rache gegen die bisherigen Dachthaber. Englin wurde wegen Amtsmigbrauch, Unterschleif und flaatsverbrecherischer Sandlungen angeklagt und zu lebenslänglichem Gefange niß, dann wegen neuer Umtriebe feiner Berwandten, jum Lode berurtheilt und auf dem Martte zu Urach enthauptet. Allein das neue Regiment brachte dem Lande weder 22. Rov. Chre noch Bortheil. Bas half es, daß der Tubinger Bertrag fammt den Sandesprivilegien bergeftellt, die Stande haufiger als je jubor einberufen wurden, wenn indeffen die Finanzwirthschaft in die hochfte Berwirrung gerieth, wenn die verschwenderische hofhaltung und die Ausstattung der zahlreichen Bruder und Schwestern bes Bergogs unermefliche Summen verschlang, wenn innerhalb vier Jahren über eine Million neuer Schulden gemacht murben und vom Lande bezahlt werden mußten, ohne bag man mußte, wohin das Geld getommen? Der mar es chrenhaft, daß die Tubinger Theologen Offiander und Thumm gegen die "Deformation" in Bohmen eiferten und den Bergog bon jeber Ilnterftugung des Pfalgers abmahnten, die Calviniften und bor Allem den Sofprediger Abraham Scultetus Atheisten und Bilderfturmer schalten und die heftigsten Berunglimpfungen auf fie bauften, daß fie durch ihren ausschweifenden Gifer Bwietracht unter allen evangelifchen Fürftenbaufern ftifteten? Es ift uns befannt genug, welch Magliches Ende die Union durch die Gleichgultigkeit, Spaltung und Theilnahmlofigkeit ber Ditglieder genommen bat : jum Dant fur die parteilofe Saltung erlebte Johann Friedrich, daß taiferliches Rriegsvolt in Burtemberg Quartiere bezog und von dem Lande unterhalten werden mußte, daß die Befuiten die Rlofter des Berzogthums fur die tatholische Rirche in Anspruch nahmen. "Rummer und Furcht und Merger über feine getäuschte Treubergigteit brangen bem guten Bergog endlich fo ju Gemuthe, daß er trant murbe und starb." (18. Juli 1628.)

Und doch mar das bisherige Elend nur ein Borfpiel des tommenden. Das Restitutionseditt follte für das Raiferhaus ein Mittel fein, Burtemberg folieglich boch wieder an Desterreich ju bringen. Raum hatte nämlich Ludwig Friedrich, ber Bruder des verftorbenen Bergogs die bormundschaftliche Regierung über ben vierzehnjährigen Sohn beffelben, Cberhard III. übernommen, fo erging der Befehl, daß alle geiftlichen Weberbarbitt. Befitungen, felbft folde die icon vor bem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 facularifirt worden waren, der tatholifden Rirde jurudgegeben werden mußten. Ballenfteinische Soldaten gaben bem Gewaltstreich Rachdrud: Monche, Ronnen und fremde Ratholiten nahmen Befit von den alten Rloftem und Rirchengutern und huldigten dem Raifer als ihrem einzigen Oberhaupte. Dem Bergog-Administrator ging das Elend des Landes febr nabe; er zog nach Mompelgard, wo er turz barauf ftarb (26. 3an. 1631). Seine Stelle übernahm fein Bruder Julius Friedrich. Bald tamen die Schweden ins Land und machten ben Reftitutionen ein Ende; aber die fcmedifche Ginquartierung brachte neue Leiden. Und als nach der Schlacht von Rördlingen der junge Herzog Cberhard, ber turg gubor felbft die Regierung übernommen hatte, aus Furcht die Blacht ergriff und ju feiner Mutter nach Strafburg eilte, wurde Burtemberg von taiferlichem Rriegsvolf überschmemmt und unbarmbergig mißbandelt. Unaussprechlich mar ber

Jammer, ber bas Land über fieben Jahre wie eine Tobesnacht bebedte. Alles Glend und alle Grauel, die uns aus dem vorigen Bande hinlanglich bekannt find, ergingen über bas ungludliche fcwäbische Bolt. Benige Jahre reichten bin, um bas einft blubende wohlbevollerte Land in Armuth und Berdbung zu furgen. Gludlich wer das Leben durch die Aucht nach der Schweiz zu retten vermochte! Unterbeffen vergaß der Gerzog in den Armen der schonen Bilde und Rheingrafin von Salm, mit der er fich mitten im Ariege vermählte, in Strafburg alle Roth feines Landes (XI., 1015). "Es fehlte ihm alle Starte der Seele , bobes Gefühl feiner felbft, Gewandtheit fur ungludliche Bufalle." Die Restitution des Herzogthums war eine der schwierigsten Aufgaben der westfälischen Friedensverhandlungen. Richt genug, daß die tatholische Rirche die Alöster und Stifter, die sie über ein Jahrzehnt in Besitz gehabt und ausgesogen, nicht wieder herausgeben wollte, die bedeutendften Schloffer und große Landftriche maren von dem Raifer an tatholische Fürsten, Coelleute, Generale und Minister verschentt worden und Defterreich und Batern hatten fich gunftig gelegene Territorien angeeignet. Aber Dant der patriotifden Thatigleit des Burtembergifden Bevollmächtigten Baren buler, der mit dem Bicetangler Löffler fich enge an Ogenftierna angefoloffen und die Sache feines Baterlandes und Fürsten mit Gifer und Geschid führte, wurde Cherhard wieder in alle Besthungen und Rechte bergestellt, welche seine Boreltern besessen batten. Die occupirten Schlöffer und Territorien wurden geräumt, die Alofter und Stifter dem Staat gurudgegeben. Run begann für Burtemberg eine Beit des Biederaufbauens des verfallenen staatliden. Králiden, wirthsaattliden und geistig-sittliden Lebens; und bei diesen umfasfenden Arbeiten zeigte Eberhard mehr Ginficht und guten Billen, als man von feiner bisberigen Saltung erwarten tonnte. Dbwohl auch er der allgemeinen Richtung folgte, die feit bem meftfällichen Frieden burch ben Ginflus Frankreichs bei allen Bofen und fürftlichen Refibenzen berefchend ward, fo gefchab es doch mit Rafigung und mit Rudficht auf die Lieberlieferungen und Sitten bes Landes. Die Finangwirthichaft und bas Steuerwefen, bie wichs tigfte Angelegenheit bes gerrutteten Staats, wurde mit Bugiebung ber Landstände nach und nach in einen erträglichen Buftand gebracht; eine Rangleiordnung fcarfte ben Beamten ein, in allen Dingen ben wurtembergifden Rechten und Ordnungen gemaß Befcheid gu geben; und wenn ber Bergog auch eine fleine flebende Armee unterhielt und von dem Landesausschuß einige Beitrage ju Feftungsbauten verlangte; fo burgte boch feine friedliebende mehr dem hauslichen Bergnugen jugewandte Ratur bafür, daß tein anberer Kriegsaufwand gemacht werben wurde als jur Landesvertheidigung ober Erfüllung ber Reichspflichten erforderlich war. Berftandige Berordnungen fuchten bas gefuntene Kirchen- und Schulwesen wieder aufzurichten, Sittsamkeit und bürgerliche Bucht zu beben, in die Erbfolge und Apanage eine feste Ordnung einzuführen. Und trat auch die Luft an Jago und Fuchsprellen und an Bilbgebege zeitweise mehr hervor, als mit einer sparfamen Saushaltung und mit ben Sweden ber Landwirthicaft bereinbar ichien, fo wurde doch das geft- und Freudeleben am hofe und ber hang für das Baidwert

Wilhelm sowohl Sberhard als sein gleichgesinnter Sohn und Nachsolger Wilhelm Lud wig eine Neubwig 1674—77. neutrale Stellung zu behaupten; doch konnten sie dadurch neue Ariegsleiden und Ariegsbebrückungen micht von ihrem Lande fern halten, und Shre war bei solcher Juruckgezogenheit nicht zu erwerben. Rur in fremden Diensten bewährten einzelne Glieder des zahlreichen Fürstenhauses die alte schwähische Tapferleit und Ariegslust.

Gerhard Rach dreifsdriger Regierung forth Wilhelm Ludwig platific zu Kirschau an einem

nicht mit solcher Berschwendung und Leibenschaft betrieben, wie in ben meisten anderen beutschen Fürstenthumern. In ben Kriegen zwischen Habsburg und Bourbon suchte

Gberharb Rach breifahriger Regierung ftarb Wilhelm Ludwig plothlich zu hirschau an einem gewig Schlage, mit hinterlaffung eines kaum einjährigen Sohnes Eberhard Ludwig. Es war ein großes Unglud für das herzogthum, daß in den Jahren, da Ludwig XIV.

in den Meunionen und dem darauf folgenden großen europäischen Ariea seinem Ueber-

muth die Krone auffeste, ein vormundschaftliches Regiment unter dem Obeim und der Mutter des Thronerben bestand. Denn weder der Herzog Administrator Friedrich Rarl noch die "Mitobervormunderin" Magdelena Sibplla von heffen-Darmftadt vermochten Die Sicherheit und die Chre bes Landes in ben ichweren Beiten der Turken- und Frangofennoth ju mahren. Bir miffen, daß bei Gelegenheit des Pfalgifd-Orleansichen Rrieges die frangofifchen Berbeerungen und Bedrudungen fich auch über Schmaben erftredten (S. 585); Georg von Mömpelgard wurde zur Flucht nach Bafel getrieben und das herzogthum von Ludwigs heeren befest. Der Administrator batte wohl gerne energifder in die Rriegspolitit eingegriffen; aber die Lanbftande wiefen die Roften aur Aufftellung eines heeres gurud, "weil baburch der Berfaffung und dem unfürdentlichen Bertommen gang entgegengehandelt werde". "Man wollte feinen Selden und teinen Staatsmann jum Bergog. Je mehr er bom folichten Sausvater batte, befto beffere Regierung tonnte man hoffen." Diefer fpiegburgerlichen Anschauung mar es jugus foreiben, daß Braunfdmeig-Sannover ben Burtembergern, die boch feit dem vierzehnten Sahrhundert die Reichsfturmfahne in der Reichsarmee führten, den Rang ablief, indem es bom Bergogthum gum Rurfürstenthum emporftieg. Als Friedrich Rarl bei Detisheim unweit Raulbronn in frangofifche Rriegsgefangenichaft gerieth, wurde diefe Gelegenheit 17. Sept. ergriffen, den Erbpringen für volljährig zu erklaren und der Regentichaft ein Ende zu machen. Bis jum Abswider Frieden bielt die neue Regierung bei der bisberigen Politit fest. so das noch vier Sabre lang das Gerzogthum durch Einquartierung und Durchmariche zu leiden hatte. Der fiebengehnjährige Eberhard Ludwig ftand unter dem Ginfluß feines Minifters Rulpis, eines talentvollen aber nicht fledenlofen Staatsmannes. Die Ryswider Claufel, die er aus Citelfeit ober im Raufche mit unterzeichnete, brachte dem ebangelischen Burtemberg manche Rachtheile und Berdrieflichkeiten und trug dem Gefandten fo viele üble Rachrebe ein, daß er bald aus Schaam und Aerger ftarb. Reben ber Pfalz empfand Mompelgard am meisten die folimmen Folgen des Apswider Fallftrides. Ginen Erfas fur die mabrend bes Rrieges berminderte Bebolterung gemabrte die bon dem Bergog und der Regierung begunftigte Einwanderung verfolgter Salzburger und Baldenfer. Der Baldenfer Anton Seignoret machte fich um die Ginführung des Kartoffelbaues verdient. — Der junge Bergog, ein lebensfroher, ehrgeiziger, nach Auszeichnung frebender Fürft, fand tein Gefallen an der paffiven Saltung, die dem Lande weder Chre noch Bortheil gebracht : als der fpanifche Erbfolgefrieg ausbrach, lobos er fic an die Berbundeten an, errichtete jum großen Leidwesen der Stande eine ftebende Armee und erwarb fic bie Burbe eines Reichsfeldmarfcalls. daß Schwaben mehrmals ein hauptschauplas des Rrieges war; aber feine Opfer und Thaten blieben unbelohnt, bas Bergogthum hatte fich auch in Raftatt und Baden teines Dantes bom Sause Defterreich ju erfreuen. Und wenn es doch wenigstens nach dem Frieden einer guten, baushalterifden und fittfamen Regierung genoffen batte! Aber mit den Jahren folug Cberhard Ludwig gang in die genußsuchtige, fittenlose, leichtfertige Beitrichtung ein, die von Berfailles ihre Impulse und Beispiele empfing. Richt nur daß der Bergog einen glangenden Sofftaat einrichtete, daß großartige Befte und Jagden veranstaltet, Leibgarden und Soldaten unterhalten, fremde Abelige in Dienft genommen wurden; ber Bergog feste fich uber die Bebote ber Bucht und Ehrbarkeit weg; die evangelische Geiftlichkeit, beren ftrenge Tugenblehren und Moralpredigten ber Beitbildung nicht mehr entsprachen und bem hofe laftig war, wurde mehr und mehr jurudgedrangt und ihres Ginfluffes auf Staat und Regierung beraubt; die Matreffenwirthichaft, die bamals zur Mode und bornehmen Lebensweise gehorte und ein Rrebsicaben aller fürftlichen Baufer mar, trat in Stuttgart in ber anftopigften Beife gu

Tage. Die Schwester eines Medlenburgischen Ebelmannes, der in Stuttgart Rammerjunker geworden, Christiane Bilhelmine von Gravenit, eine nicht ganz verblühte Schonheit, mußte durch Buhltunfte ben finnlichen Fürften fo febr in ihre Rege au gieben, daß er fich von ihr völlig beherrichen ließ. Die Bergogin, die er einft unter großen Festlichkeiten von Durlach eingeholt, lebte verschmaht und verlaffen in Stuttgart. Der hofprediger, die Rathe, das gange Land lagen dem Bergog an, bas Mergernis abgustellen; sie ersuhren aber, "daß gerade widersprochene und verbotene Liebe am meisten reigt". Als endlich fogar ber Biener Bof fich einmischte und die Entfernung ber Dame unvermeidlich ward, folgte der gurft ihr nach Genf, um dort das Freudenleben fortzusegen. Als ihn die Geldnoth gurudtrieb, erfann er ein anderes Mittel, die Geliebte in feiner Rabe gu halten. In Bien murde ein berfduldeter bobmifcher Graf von Burben aufgetrieben, der fich fur Geld und den Titel eines "Landhofmeifters" ju einer Scheinheirath bereit finden ließ und bald nach der Trauung wegzog. Und nun folgten Jahre der tiefften Schmach und Erniedrigung. "Das Damen die Bett regieren, mar zwar in Stuttgart fo wenig fremd als in andern Landern, aber eine Matreffe, die den Minister fpielte, im gebeimen Rathe ihren Sig hatte, Beib und Mann jugleich fein wollte, etwas diefer Art blieb felbft in der frangofischen Beschichte unerhort." Sie bewog den Bergog ein geheimes Staatscabinet zu errichten, in dem fie selbst und ihre Berwandten und Creaturen über alle Angelegenheiten entschieden. "Alles mar bei ihr um Geld feil und Alles ftand doch in ihrer hand. Aemter und Bedienungen erhielt nicht der Burbigfte, fondern der Meiftbietenbe." Ber der allmächtigen "Frau Landhofmeifterin Ercelleng" nicht huldigen wollte, murbe, wie der hofmarfchall von Forfiner, Cberhard Ludwigs Jugendfreund, ber geheime Rath von Sefpen u. a. abgefest und mit Antlagen verfolgt. Ihre Berrichfucht und ihre Babgier überftiegen alle Grengen. Das treut biedere Bolt wurde fo gedrudt, daß fich Taufende durch Auswanderung nach America der einheimischen Roth entzogen und in der Fremde eine neue Beimath grundeten. Der Berjog, ben die Grafin in einer Berblendung hielt, "die man einer Bauberei hatte jufdreiben mogen", überschüttete fle mit Gnabenerweisungen und Geschenken und gemabrte alle ihre Bunfche. Es ift eine befannte Erzählung, daß fie verlangte, in das Rirchengebet eingeschloffen zu werden, ber Bralat Ofiander ihr zur Antwort gab : bas gefchebe jedesmal, wo man bete: "Erlofe uns vom lebel". Um ungeftorter ju fein jog Cherhard Ludwig mit der Buhlerin nach Ludwigsburg, das von der Beit an als zweite Refidenaftadt angefeben marb. Bmangig Jahre bauerte die Berrichaft des ichaamlofen Als dem Bergog endlich die Augen aufgingen und er die durch Alter und Bollust häßlich gewordene Mätreffe, deren Launenhaftigkeit und moroses Befen unerträglich mar, querft bom hofe berwies und fie bann aus bem Lande jagte, batten bie Uebelftande icon eine Bobe erreicht, bag fie unter feiner Regierung nicht mehr geheilt werden konnten. Bald nachdem die Grafin mit Schapen und mit bem Fluche des Bolkes beladen das Bürtemberger Land verließ, schied Cherhard Ludwig aus der Belt. nachdem er noch feinen einzigen Sohn Friedrich Ludwig hatte kinderlos ins Grab finken feben. Die hoffnung, daß die wieder mit dem Gemahl ausgeföhnte Bergogin einen neuen Thronerben gebaren murbe, erwies fich als trugerifd. "Die Burbe ber Gefchichte fceint faft entweiht", bemertt Spittler, "ben Ramen einer Frau erhalten ju muffen, deren ganges Leben nichts als Entehrung und Raub mar, aber die Gefchichte barf fic teine andere Burbe nehmen, als die von den Begebenheiten felbft, und leider hat unftreitig biefe Datreffengefdichte einen recht universalbiftorifden Ginfluß auf den gangen

Buftand von Burtemberg gehabt."

Rati
Rach Gerhard Ludwigs Tod cilte fein Better Karl Alexander, Sohn des
1733-1737. früheren Administrators aus Belgrad, seiner Statthalterschaft herbei, um die Regierung

feines Beimathlandes ju übernehmen. Es mar um die Beit des neuen Rrieges zwischen Defterreich und Frankreich, und in Bien war man febr erfreut, daß ein gurft, ber bon Jugend auf in den taiferlichen Beeren gedient und fich durch feine Tapferkeit die Burde eines General-Feldmarfchall erworben batte, den berzoglichen Thron bestieg. Auch nahm Rarl Alexander fofort Antheil an den Feldzügen und stellte eine Armee von 12,000 Mann zu dem Reichsbeere. Das auch nach hergestelltem Frieden eine größere-Truppengabl unterhalten wurde als je juvor, ließ fich von der friegerischen Reigung des herzogs erwarten. Und boch war der Aufwand, der dadurch dem Lande erwuchs, das fleinfte Uebel: balb trat eine Difregierung ju Tage, welche ber fruberen Beiberberricaft an Schmad, Unrecht und Bedrudung in Richts nachftand. Richt nur bag Rarl Alexander, ber in Defterreich jur tatholifden Rirche übergetreten war, trop feiner feierlichen Erflärung, teine Beranderung in ber Berfaffung und Religion des Landes vorjunehmen, den ultramontanen Betehrungefunften allen Borfdub leiftete und die conspiratorifden Blane einer papiftifch-jefuitifden Partei gur Befeiligung der Religions-Reversalien und Rirchengesete begunftigte; er bediente fich auch jur Debrung feiner Ginfunfte abnlicher Mittel und Bege wie fein Borganger, und wendete fein Bertrauen und feine Gunft einer Perfonlichteit ju, welche ber Grabenig volltommen ebenburtig war. Der Bergog batte aus dem verwildernden Rriegsdienst und dem wuften Lagerleben des Raiserstaats lasterhafte Sitten und Sang ju Berschwendung und Schwelgerei beimgebracht. Dazu bedurfte er großerer Summen als die laufenden und gesetlichen Ginnahmen eintrugen. Da erlangte benn der Boffude Guß Oppenheimer aus Beibelberg, ber dem Bergog fruber in Frankfurt aus Geldverlegenheiten geholfen, großen Cinflus. Bum "geheimen Finangrath" erhoben feste er alle Bebel ber Erpreffung ein, um bem Bergog Gelb fur feine hoffeste, Opern, Theater, Sangerinnen, fich felbst aber unermesliche Reichthumer ju berfchaffen. Die Rirchen- und Staatsamter murben an die Meiftbietenden vergeben, geringhaltige Mungen gepragt, Monopole vertauft, Gerichts- und Berwaltungsbefcheibe jum Bortheil eines neuen "Fiscalamtes" befteuert. "Beg mit Freiheiten, Rechten und Standen", fagte Suß Oppenheimer; "ber Bergog ift herr und alles mas die Unterthanen haben, gehort bem Berzog." Der plogliche nach einem schwelgerischen Sefte in Ludwigsburg eingetretene Cob Rarl Aleganders 12. Mars befreite bas Land von dem Juden wie von der zur Ratholifirung bes Berzogthums angelegten Berfcmorung, indem die durch Geheimerath und Landschaft angeordnete vormundicaftliche Regierung, an deren Spige querft der hochbetagte Rarl Rudolf von Burtemberg-Reuenstadt, dann Karl Friedrich von Burtemberg-Dels fand, in andere Bahnen einlentte. "Jud Gup", wie ihn das Bolt nannte, wurde auf den Asberg gebracht und nach einem Prozes, bei dem Billfur, Leidenschaft und Bollshaß auf das Urtheil einwirtten, jum Tode verurtheilt und in einem eifernen Rafig an den Galgen gehängt.

Durch die patriotifche Thatigkeit des verftandigen und erfahrenen Bilfinger Rarl Gugen. waren die Jahre der Mindersahrigfeit des neuen Herzogs Rarl Gugen ein Segen fur ber Minders das Land; und die hohen Saben und Fähigkeiten des Prinzen, die fich durch eine idbeigkeit gute Erziehung trefflich entwidelten, lieben eine beffere Butunft erwarten. Die drei lepten Jahre bis zu feiner Bolljährigkeit (1744) verlebte Rarl Cugen in Berlin, um am hofe Friedrichs II. fich in der Staats- und Rriegstunft auszubilden. Als er zur Uebernahme ber felbständigen Regierung nach Stuttgart gurudtehrte, legte ihm der König, mit deffen Richte Clifabeth Sophie von Brandenburg-Bapreuth fich der fiebenzehnjährige gurft verlobte, in einem Auffage feine Regentenpflichten mit allem Ernft ans Berg. "Glauben Sie nicht, hieß es darin, daß bas Land Burtemberg um Ihretwillen gefcaffen fei, fondern daß die Borfebung Sie in die Belt tommen ließ, um

## 954 G. Das achtzehnte Jahrh. in den vier erften Jahrzehnten.

Ihr Bolt gludlich ju machen. Segen Sie baber ftets fein Boblergeben bober als Ihre Bergnugungen."

b. Gelbftan: bige Regies

Anfangs ließ fich bas neue Regiment gut an : Rarl Cugen bestätigte die Landesrung bertrage und Religions-Reversalien, "im Borte der Bahrheit, bei fürftlichen Burben, 1744-1793. Shren und Ereuen." Das Finangwefen wurde unter Sardenberg umfichtig und amedmäßig geleitet; an der Spipe der Regierungegeschafte ftanden Bilfinger, Bech, Georgii, die mit Treue für des Landes Wohl forgten; die Rechte der Landschaft, deren Consulent Johann Jacob Mofer war, wurden gewahrt und geachtet; bas beer murde

vermindert, der Beimfall von Mompelgard nach langem Streit mit Frankreich durch 1748. einen Bertrag geordnet. Aber bald trat eine Bandlung ein, und bas Ras ber Leiden und Bedrudungen wurde für das Burtemberger Bolt großer als zubor; die Lehren und Mahnungen Friedrichs hatten auf die finnlich und despotisch angelegte Ratur des Gerzoas teine nachaltige Wirtung. Kriegsliebend, genuhlüchtig, ehrgeizig wurde Karl Sugen, beffen treffliche Unlagen durch Leidenschaft, Billfur und herrscherkolz niedergedrudt murben, die Beißel des Bolts. Alle Digbrauche fruherer Lage, Steuerbrud, Aemterverkauf, verderbliche Finangkunfte kehrten mit neuen Uebeln vermehrt und in thrannischer Beise angewendet in erhöhtem Umfang jurud. Die alten Rathe wurden entlaffen und durch despotische und gewiffenlose Manner, wie den Oberften und geheimen Rriegerath Bhil. Friedr. Rieger und ben Staats- und Cabinetsminifter Sam. Fr. von Montmartin ersett, benen der Bille und die Gunft ihres herrn als bochfics Gebot und Lebensziel galt, friechend nach Oben und thrannisch gegen Untergeordnete. Bir werden an einem andern Orte erfahren, wie fich ber Bergog und feine Bertzeuge durch den fcmachvollften Soldatenhandel fcandeten, der ein heer von Lafter, Gewaltthat und Unsittlichkeit zur Folge hatte. Seine Kunftliebe, die ihn zum Bau von Lustfolöffern in Ludwigsburg, Solitude, hobenheim u. a. D. fo wie zu verschwenderischen Ausgaben für Opern, Ballette, Concerte und andere Bergnügungen führte, war dem Boblftand bes Landes nicht minder verderblid, als feine fdmelgerifde Bofbaltung, feine üppigen Befte und feine Bolluft. Und wie murbe durch die gablreichen Bublerinnen, durch die Schwärme italienischer und franzosischer Runftler, Sänger, Schauspieler und Sautler die bürgerliche Chrbarteit und Sitte untergraben! Die Bergogin verließ Semahl und Land, um nicht Schmach, Burudsehung und Mishandlungen ertragen ju muffen. Der Dichter Dan. Schubart, ber in feiner "Burftengruft" ein tief einschneibendes Bild bon den an diefem Sofe berrichenden Buftanden entwarf, mußte feinen Freimuth durch gebnjabrige Saft auf bem Abberg unter ber ftrengen Bucht eines engbergigen, bietiftifc beschränkten Commandanten bugen, und bem Landicaftsconfulenten Mofer 20a fein unparteilscher Rechtsfinn in einem Streit zwischen bem Bergog und den Landftanden eine fünfjahrige Festungsstrafe auf Sobentwiel ju, wo er seine Gedanten und Gefühle mittelft einer Lichtscheere auf die Banbe feines Gemaches und auf die weißen Stellen feiner Bibel eingrub. Schiller entging vielleicht einem abnlichen Schicfal durch die Blucht. Selbft die Bunftlinge hatten von der tyrannifden Laune des Bergogs ju leiden. Montmartin's Schlaubeit und verleumberifche Bunge brachte es babin, bas Rieger vier Jahre lang in Befangenschaft gehalten ward. Rechtswidrige Steuern wurden durch militarifche Egecutionen eingetrieben. Erft im 3. 1770 trat eine Bendung gum Befferen ein : In dem fogenannten "Erbvergleich" verfprach der Bergog die Abstellung ber argften Befdwerden und Difftande, wogegen die Landichaft die Schulden übernahm. wie oft trat noch in der Folge Billfur und Bewaltthat an die Stelle des Rechts! Ginen wohlthätigen Einfluß übte die Grafin Franzisca von Sobenbeim, mit der fich ber Bergog nach bem Tobe feiner Gemablin vermablte. Um Abend feines Lebens, nachdem die Leidenschaften ruhiger geworden, widmete fich Rarl Eugen ernstlicher seiner

Regentenpflicht und rief manche zwedmäßige und fegensreiche Schöpfung ins Leben. Bor Allem hat er durch die Stiftung ber "Soben Rarisschule" ober "Militaratademie" querft auf ber Solitube, bann in Stuttgart, feinen Ramen auf die Rachwelt gebracht.

Baiern hat im flebenzehnten und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wiederholt den Berfuch ftenthum gemacht, fich zu einer deutschen Großmacht aufzuschwingen balb an ber Seite Defterreichs, Balern. bald mit Bulfe Frankreichs. Diefe Berfuche gingen jedoch lediglich von zwei unternehmenden aufftrebenden gurften aus, ohne im Bolle felbft eine fraftige Unterftugung ju Altbaiern mar eine zu fomache und unficere Unterlage für einen größeren Staatsbau, ber geiftige Borigont bes Bolles ju befchrantt, die religiofe Bilbung ju engherzig, ber patriotifche Aufschwung ju particulariftifc und hoherer Bwede un- Rarimifabig. Ragimilian I., ber bem Bergogthum ben turfürftlichen Rang erwarb und flan ! die Oberpfalz nebst der Graffcaft Cham als Preis feiner triegerischen Anstrengungen + 1651. davon trug, hat burch feinen confessionellen Gifer, feine jefuitifche Politit und feine ultramontan-fleritale Ausschließlichkeit mahrend feiner langen Regierung in der tiefbewegten Beit bes breißigjährigen Rrieges hauptfächlich biefen engherzigen Gefichtstreis geschaffen, und eine geiftige Richtung genahrt und großgezogen, die für höhere Biele, für einen humanen, weitherzigen Geiftesfdwung teinen Raum ließ. Das Spftem bes Besuitenordens ging dem Baiernherzog Maximilian I. in Fleisch und Blut über, und wie in seinem Brivatleben, so verwirklichte er es in feiner Regierung mit einer Energie, Confequeng und Strenge, welche in ihrer Ralte und Leidenschaftlofigkeit einen faft unheimlichen Cindrud machen. "Es ift als ob unter menschlicher Bulle ein Pringip nach unbeirrbarer innerer Rothwendigfeit wirfte." Maximilian hat die ftrenge Disciplin eines rigorofen Ordensvorstehers in die Staatsverwaltung eingeführt, mit unbeugfamem Fanatismus jede unrömifche und atatholische Richtung in feinen ganden auszutilgen gefucht, das burgerliche, bausliche und fittlich-religible Leben feiner Unterthanen nach mönchischer Abcetit und Rlofterregel mit Bußen und Strafen, mit Polizei und Amtstyrans nei herangebildet. Gein Sohn und Rachfolger Ferdinand Maria blieb der Politit Maria und Beiftesrichtung bes Batere treu; boch theilte er nicht beffen friegerifche Reigungen. + 1879. Bon dem großen Coalitionstrieg, der mabrend feiner Regierung gegen Ludwig XIV. geführt ward, hielt er fich fern, ba feine Gemablin Abelbeid Benriette, Tochter bes Bergogs Bictor Amabeus von Savopen und einer frangoffichen Pringeffin, welcher ber Rurfürft großen Antheil an ben Regierungsgeschäften gestattete, Sympathien für Frankreich in ihm nahrte. In der inneren Bolitit bagegen folgte er bem baterlichen Borbilbe. "Er baute Rirchen und öffentliche Gebaube fur Rarmeliter und Theatiner; er verstattete die weitere Berbreitung der Rapuginer und Franciscaner; er stellte in der Oberpfalz die ehemals aufgehobenen Rlofter wieder ber; die Monche verlebten unter ibm eine gludliche Beit." Doch mar er babei jugleich ein guter Birth : er verminderte die Auflagen, beforberte ben Aderbau und fuchte burch Sparfamteit bem erfchopften Rar Staate aufzuhelfen. Die Schickfale feiner Sohne, von benen ber altere Dazimilian Emanuel Emanuel bie turfürftliche Burbe in Baiern ererbte, ber jungere Joseph Clemens ben † 1726. turfürft-erzbifcoflicen Stuhl in Roln beftieg und bamit noch die Bisthumer Luttic und Silbesheim verband, find uns aus fruberen Blattern hinlanglich befannt. Bir wiffen, bag Magimillan Emanuel in den zwei erften Jahrzehnten feiner Regierung treu ju Defterreich bielt, gegen bie Turten vor Bien und bei Mohaes und Belgrad tampfte, jum Dant für seine Dienste und für die großen Opfer an Gelb und Mannschaften, welche Baiern für die Sache bes Rurfürsten und bes Raifers brachte, die Tochter Leopolds Maria Antonia in die Che erhielt. Bon bem fpanifcen Babsburger gum erblichen Statthalter ber Rieberlande ernannt nahm Max Emanuel lebhaften Antheil an bem zweiten Coalitionstrieg wider Frankreich, ber mit bem Frieden von Ryswick

endigte. Benn icon mabrend diefer Beit bas baierifche Bolt fur die Ruhm- und Chrbegierde seines Aurfürsten Sut und Blut hingeben mußte: wie mußten erft die Un= ftrengungen machfen, als Dag Emanuel einen fo thatigen Antheil an dem fpanifchen Erbfolgekrieg nahm! Die fudbeutschen Fürsten, mochten fie immerhin treu zu Raifer und Reich halten, tonnten nie auf "Dant bom Saufe Defterreich" gablen ; fie lebten immer in einer gewiffen Beangftigung vor der habsburgifden Landergier. Der baierifde Rurfürft glaubte baber durch feinen Unschluß an Frankreich mehr in feinen ebrgeizigen und dynastifden Interessen befriedigt ju werden als durch die Alliang mit habsburg : er folgte feinem Schidfale, das ihm zwar triegerifchen Ruhm und einen Ramen in den großen politischen Angelegenheiten eintrug, aber auch ben Borwurf, daß er fich von ber gemeinfamen Sache der Ration entfremdete. Bir wiffen, welche Leiden und Diggefchice fein Tyroler Feldjug, feine Riederlage bei Sochstädt, feine Abwefenheit in Bruffel über fein Land und fein Saus brachten. Anftatt einer Ronigstrone, Die er feiner Dynaftie ju gewinnen hoffte, murde ihm und feinem Bruber die Reichsacht zu Theil und anftatt eines neuen Landergewinnes, worauf fein Sinn gerichtet war, mußte er erleben, daß fein eigenes Stammland unter öfterreichische Berwaltung genommen und zu fremden 3meden nach bem Croberungerecht ausgebeutet marb. Bie einft in Burtemberg fo murden jest in Baiern Städte, Herrschaften, Territorien an Diener und Anhanger des Raiserhauses verlieben. Die Sohne des Rurfürsten lebten als Grafen von Bittelsbach auf öfterreichischem Gebiete; feine Gemahlin floh nach Italien; die Dberpfalz nebft ber Graffchaft Cham ward von Baiern losgeriffen (S. 807). Rach dem Frieden von Baden murde der Aurfürst wieder in seine Lander und Burden eingeset, aber mit den hochfliegenden Blanen mar es vorbei. Doch hatte er die erfreuliche Erfahrung gemacht, daß das baierifche Bolt treu ju dem Bittelsbacher herrscherhaus ftand und Roth und Bidermartigfeit mit ihm zu theilen bereit mar. Der Unionsvertrag, den Dag 1724. Emanuel zwei Jahre bor feinem Lode mit Rurpfalz abichloß, fraft beffen bei bem Erlofden der einen Linie der Bittelsbacher die andere in den gesammten Landern nach den Sausvertragen fuccediren follte, tonnte als Berfuch gelten, das Band der Un: hänglichkeit zwischen Dynastie und Bolt zu befestigen und zu erhalten.

Rarl

Mag Emanuels Sohn und Rachfolger Rarl Albrecht hatte mahrend der öfter-1726—1746, reichischen Occupation mehrere Jahre in Graz verlebt und war erft nach der Restitution feines Baters nach Munchen zurudgelehrt, ein Jungling von achtzehn Jahren, mangelgaft erzogen und bon maßigen Seiftesgaben. Die feindfelige Gefinnung amifchen Sabs: burg und Bittelsbach verlor fich allmählich; als der neue Türkenkrieg in Ungarn entbrannte, gestattete Dag Emanuel feinem Erftgebornen baierifche Gulfstruppen in die Donaulander zu führen, die bei der Eroberung von Belgrad mitwirkten. Bie einft der Bater fo erhielt auch Rarl Albrecht jum Dant für feine Dienste die Sand einer Sabeburgerin. Maria Amalia, die zweite Tochter bes verftorbenen Raifers Joseph I. wurde feine Bemahlin. Bei ihrer Bermahlung unterzeichneten fie Die pragmatifche Sanction. Bier Jahre später trat Rarl Albrecht die Regierung an. Er fand ein Land, das durch den Rrieg tief verschuldet, durch die Macht und den vorherrschenden Ginfluß des Clerus jedes geiftigen Schwunges beraubt mar, wo Ballfahrten, pruntende Rirchenfefte und werkeilige Religionedienste Aberglauben und Tragheit nahrten und taum ein Strahl ber Aufflarung, die anderwarts die Welt zu erleuchten begann, in das Boltsleben eindrang. Und wie follte ber neue Furft, der getreu den Traditionen und dem politifch: firchlichen Spfteme feines Saufes fic von Jefuiten und Geiftlichen leiten lief, von der Beltlage nur durftige Renntniffe befaß und ber Richtung der Beit gemaß die Burbe und Chre der Berricaft in außerem Glang und Schimmer, in Brunt und Soffeften erblidte, in diese trage uud geiftlose Maffe Bandel bringen, die Seele auf bobere Dinge lenten,

bem Bolteleben einen wurdigeren Inhalt geben, Thatigteit und Erhebung ichaffen? Und doch lentte auch Rarl Albrecht in die ehrgeizigen Bahnen ein, auf benen fein Bater ju einer deutschen Großmacht emporzusteigen gesucht, erneuerte bas frangofische Bund. niß, das unter Mag Cmanuel bem baierifchen Land und gurftenhaus fo tiefe Bunden geschlagen, und unternahm einen Rampf gegen Sabsburg, ju dem weder er felbft die nöthigen Rrafte und Gigenfcaften noch bas Land bie zureichenden Eruppen und Gelbmittel befaß. Bir werden bald die flagliche Rolle tennen lernen, welche Frankreichs Chrgeig und herrichfucht ben baierifden Rurfürften in bem ofterreichifden Erbfolgefrieg gegen Maria Therefia fpielen ließ. Der Parifer Dof gewährte ihm Beere jur Erwerbung von Rronen und Geld gur Befriedigung feiner Prachtliebe und feines Aufwandes, in ber Absicht dadurch den Raifer und den deutschen Reichstörper gang in Abhangigfeit von Frankreich zu bringen. Gin schwacher Fürft, bem es ein wichtiges Anliegen war, einen Ritterorden (bom beil. Georg) ju grunden und bom Papfte beftätigen ju laffen, deffen Mitglieder fechzehn Ahnen haben und fich jur Bertheidigung der tatholifchen Rirche verpflichten mußten, wollte einer aufgeklarten, mit Rlugheit und Berrichergaben ausgerüfteten toniglichen Frau wie Maria Therefia das öfterreichische Erbe entreißen, bas ihr durch ein Sausgeses und burch Bertrage, die faft gang Europa gemabrleiftet hatte, zugefichert worden mar!

Als Rarl Albrecht, der den Raisertitel mit seiner Freiheit und seinem Lebensglud ertaufte, bor Beendigung des Rrieges tummervoll in die Grube hinabfuhr, lentte fein Sohn und Rachfolger Magimilian Bofeph wieder in bescheitere Bahnen ein und Baximilian entsagte den hochfliegenden Traumen und der überspannten Politit des Baters und Groß- 1746—1777. vaters. Rachdem er durch den Frieden von Fußen in den Befit der Aurlande getreten, war er nach Rraften bemüht, die Bunden, die der Rrieg geschlagen, durch zwedmäßige Ginrichtungen zu beilen, ben gefuntenen Boblftand zu beben, viele Migftande zu befeitigen, ein geiftiges Leben zu weden, eine murbigere Gefetgebung anzubahnen. Befonders erfreute fic die Boltswirthicaft einer aufmertfamen Pflege: ber Aderbau murbe berbeffert und durch Einführung des Riee- Hopfen- und Rartoffelbaues vervolltommnet; die Induffrie gewann durch neuangelegte Manufacturen und gabriten; ber Bergbau wurde gehoben. Ein neues Gefesbuch, burch den Rangler Rreitmanr redigirt, trat ins Leben, Juftig und Berichtswefen murben verbeffert, gegen Bettler und Landftreicher, deren Bahl zu einer erfdredlichen Bobe gestiegen war, wurden ftrenge Strafverordnungen erlaffen und dem Mußiggang gesteuert; die Schulen erhielten eine zwedmäßige Organisation. Doch tonnten die Rachwirtungen ber früheren Migregierungen auch burch Mag Joseph nicht beseitigt werben. Bohl fuchte er die Univerfitat Ingolftadt aus dem Buftande der Robbeit und Barbaret, in die fie feine Borganger hatten gerathen laffen, emporzuheben; aber die Besuiten blieben nach wie vor im Alleinbesit der akademischen Stellen und beberrichten ben Beichtftubl und die Erziehung ber vornehmen Jugend. Bohl beforberte er Kunfte und Biffenschaften durch bie Grundung ber Munchener Academie (1759), durch den Bau eines Schauspielhauses, durch Errichtung einer Capelle und einer Maler- und Beidnungsichule: aber in dem bon Geiftlichen und Monden geleiteten, von der Racht des Aberglaubens bebedten Baiern blieb die Bolksbildung ftets jurud und die Biffenschaft ohne prattifche Birtfamteit. Die Finanzunternehmungen bes wohlmeinenden Aurfürsten wurden unter ben Ganben hartherziger und eigennübiger Amtleute eine Quelle neuer Bedrudungen, und was halfen alle Anordnungen zur Debung und Befferstellung des Bauernstandes, wenn der Aurfürst das Jagdwesen und den Bildstand unverändert fortbestehen ließ, damit er felbst und der rohe Landadel fic an dem gewohnten Baidwert ergopen tonnten? Als Maximilian Joseph finderlos aus der Belt ging, vereinigte fraft ber Bittelsbacher Saus- und Erbvertrage ber uns befannte

Rarl Rarl Theodor das Aurfürstenthum Baiern mit ber Rheinpfalg. Bir werben bie Theobor Jerungen und Streitigkeiten, welche bei bem Thronwechfel zwifchen Defterreich und Baiern entftanben, an einem anderen Orte fennen lernen : fur Baiern war die Regierung bes leichtfinnigen verschwenderischen Fürften ein Rudfdritt zu ben alten traurigen Bufür seine Runftliebe bot das damalige Munchen feinen geeigneten Boben ; bie Aufbebung des Jesuitenordens brachte bem baterischen Lande keinen Bortheil, da ber Aurfürft die eingezogenen Guter hauptfachlich der Stiftung einer baierifden Bunge des Malteserordens zuwandte und durch die Berfolgung der Muminaten, burch Brefterrorismus und durch die ftrenge Uebermachung alles geiftigen Lebens in ber Schule und im Staate deutlich genug ertennen ließ, daß er bem jesuitischen Geifte nach wie por ergeben blieb und von dem Reformeifer feiner Beit fich fern bielt. Um Ende feiner Regierung, beist es bei einem neueren Geschichtschreiber, war bas Sand erschöpft und ohne Credit, bas heer in ber elendeften Berfaffung, Die Stellen in ber Armee wie im Civildienft burch Gunft verlieben oder vertauft, der größte Theil des Abels arm, ber beauterte melk tief verschuldet, die Geiklickeit unwissend, die Religion ein todtes Formenwefen, ber Unterricht vernachläffigt, die Stabte burch Magiftrate niebergehalten, Die jede freie Regung und Bewegung in Sandel und Bertehr hemmten, bas Landvoll unwiffend und rob und durch die Beftechlichfeit der Beamten tief entfittlicht, in der Berwaltung die Berfcaft fcrankenlofer Polizeiwillfür.

### d. Sachfen und Braunfomeig-Dannover.

1, Rur Rein deutsches Land hat wohl fo viele Leiden und Drangfale aufzuweisen als fachfen. das Rurfürstenthum Sachfen unter Friedrich August II., dem Starten (S. 677) und seinem Sohne Friedrich Muguft III. Beibe find uns aus der Geschichte Polens gur Benuge befannt. Bir wiffen, daß der erftere feiner Sinnenluft, feiner Prachtliebe, feinem Chracise den Glauben feiner Bater, die Liebe feiner Unterthanen und den Boblftand feines Landes jum Opfer brachte, daß er burch feinen Religionswechsel bie Stellung Rurfachiens als Saupt bes protestantifcen Deutschlands verfcerate, um die leere Burde eines polnischen Bahltonigs ju erlangen. Bir haben erwähnt, wie febr der leichtfinnige, gewiffenlofe Fürft über Opern und Concerten, über Beftlichkeiten und Luftschweigereien, über Bublereien und Jagogetofe die Thranen feines Bandes wahrend des fowedifchen Rrieges und die Beiden des gedrudten fowerbesteuerten Bolles überfah. 3m 3. 1708 legte der flandifche Ausschus bem Aurfürft-Ronig die Roth ans Berg, welche durch die Naturalverpflegung des Militärs entftanden: "daß felbige, wenn fie auch aufs vorfichtigfte und fparfamfte eingerichtet wurde, bennoch alle Gelbverwilligungen überfleige, und in manchen Dörfern tein Brod mehr borhanden fei, sondern das bon ben Kinbern zubor erbettelte ben Solbaten gereicht werden muffe." Alle waffenfabige Mannicaft bom 20. bis jum 40. Jahr wurde jum Rriegsbienft aufgeboten, mahrend die Mitterschaft fic burch ein Donativ von dem ihr obliegenden Rofdienst lostaufen Die Steuern und Auflagen für Ariegstoften und Militar, für die Landesregierung und die Bofhaltung, für Prachtbauten wie Cibbride, Bwinger u. a., für die bon Anguft II. begrundete, von dem Rachfolger vermehrte Aunffammlung überfliegen die Rrafte des Landes: man mußte durch Confumtionsstenern, durch Berpfandungen, durch Anlegen, durch Beraußerung bon Domanialgut, durch hohe Berpachtung ber Regalien und andere brudende" und verberbliche Mittel die Einnahmen vermehren "Der damalige hof", heißt es in der durfachfifden Gefchichte von Beise, "war einer der glangenoften in Guropa, und fein Aufwand, ber burch die Freigebigfeit des Ronigs gegen seine Gunftlinge noch niehr vergrößert wurde, ben Rraften bes Staats fo wenig

angemeffen, daß er eine Saupiquelle der vielen Soulben und Abgaben murbe, welche bas Land unter biefer und ben folgenden Regierungen brudten. Schon bas gewöhnliche Privatleben des Königs war auf einem Fuß eingerichtet, der bisher an den meisten höfen unbekannt gewesen war und blos an dem hofe Ludwigs XIV. ein Borbild fand. Roch mehr aber suchte er seine Beitgenoffen an Pracht und Lugus bei außerorbentlichen Feierlichkeiten zu übertreffen. Gine ber berühmteften ift bas Luftlager bei Beithann, wo außer bem Konig von Preußen und beffen Kronpringen 47 Fürften gegenwärtig waren und welches 968,780 Thaler toftete. Sier wollte ber Konig nicht nur feine Armee, die er in den Jahren 1726-1730 febr verftartt und durch frangofische Sattit geübt hatte, muftern und bewundern laffen, fondern auch feine Gafte burch Luftbarkeiten jeder Art in Erstaunen fegen." Bon feinen Liebschaften und natürlichen Kindern ergabite man fabelhafte Dinge. Um gefeiertften im Munde des Bolls mar die fcone Murora bon Ronigsmart und ihr Sohn Morig bon Sachfen, ber in ber Folge als frangofifcher Marfchall fich burch feine Rriegsthaten wie burch feine Ausschweifungen berühmt und berüchtigt machte.

Richt minder traurig waren die öffentlichen Buftande Sachfens unter bem Sobn und Rachfolger gleichen Ramens, den wir fcon als Ronig Auguft III. von Bolen Friedrich tennen gelernt haben. Die Leiden und Bedrangniffe des Aurfürstenthums in ben großen 1783-1763 Kriegen zwischen Preußen und Defterreich, die wir in einem andern Busammenhange erfahren werden, wurden durch die innere Difregierung noch vermehrt. Der flumpffinnige arbeitscheue Aurfürft-Rönig, ber nur für Aunstgenüsse, Jagogetofe und gefellige Unterhaltung Empfänglichkeit hatte, überließ bie Regierung und die Sorge für die Finangen ganglich ber Leitung des Grafen Beinrich von Brubl, welcher feinen Dienern und Creaturen Litel und Stellen verlieh, mit Rirchen- und Staatsamtern den fcmablichften Sandel trieb, das Land mit Schulden und brudenden Steuern und Auflagen belaftete und das fachfische Bolt wie Leibeigene behandelte. Babrend die Unterthanen darbten, Land und Städte unter der Laft der Abgaben verarmten, das Militärwefen und die heimische Induftrie in Berfall geriethen, fcweigte Bruhl, ber gleich feinem herrn gur tatholifden Rirche übergetreten mar, in Lugus und Bracht, ließ Modemaaren und Bederbiffen aus Baris tommen, baute auf ber nach ihm benannten Terraffe über ber Elbe einen prachtvollen Palaft, erwarb fich durch Ausbeutung der königlichen Gunft Guter und Reichthumer und opferte die Ehre und Boblfahrt des Staats feinem Cigennut und feiner Selbstfucht auf. Um fich dem Konig gefällig und mentbehrlich ju machen, veranstaltete er Feste, Luftbarkeiten und Jagbpartien, forgte für Theater und Rapelle und vermittelte bie Anschaffung von Kunftwerten, Rleinobien und Prachtftuden. Der Lod des Rönigs, dem der des Ministers rafc folgte, befreite bas Land von ber verberblichen Berwaltung des Grafen Brubl.

Unter Augusts III. Sohn Friedrich Chriftian murben burch die Minifter Britio Griffian und Einfiedel Mittel und Wege gefucht, die unermestliche Landesschuld, die auf dreißig 5. Dit. Millionen Thaler geftiegen war, allmählich zu mindern und ben gefuntenen Credit des 17. Derbr. Staats herzustellen. Bum Unglud bes Sandes ftarb ber mohlgefinnte Rurfurft icon nach einigen Bochen; boch war fein Bruber Zaver, welcher wahrend ber Minderjabrigkeit des Erbpringen Friedrich August an der Spipe der vormundicaftlichen Regierung fand, tein unwürdiger Rachfolger. Schon in biefen Jahren murbe in bie Bahnen eingelentt, die dann der neue Aurfurft Friedrich Auguft IV. mabrend einer Friedrich langen Regierung verfolgte. Unter ibm erlebte Sachfen gludliche und glanzende Beiten feit 1768. und manche Bunde tonnte vernarben; aber nach einigen Jahrzehnten trafen bie Schlage des Ungluds mit neuer Gewalt Saupt und Glieber, Land und Bolt. An dem Auffowung, den gu jener Beit Runft, Literatur und Biffenfcaft in Deutschland nahmen,

hatte Sachsen und Thuringen keinen geringen Antheil; das Schulwesen ersuhr große Berbefferungen, die Rechtspflege wurde mufterhaft gehandhabt und die Friedenszeit in ben fiebenziger und achtziger Jahren wirtte wohlthatig auf Sandel, Gewerbfamteit und Aderbau; die regsamen, bauslichen und sparsamen Bewohner der Stadte und Borfer gelangten wieder ju Glud, Boblftand und Bufriedenheit.

2. Braum

Die welfischen Befigungen zwischen Elbe und Befer wurden nach gahllofen Theis foweige und Berftudelungen in der aweiten Salfte des sechzehnten Jahrhunderts in die a Buneburg awei ungleichen balften bereinigt, Die als Sannober und Braunfdweig eine geberg. schichtliche Existen, erhielten. Doch fehlte viel, daß durch ein hausgesetz die Untheilbarteit ber Lande oder bie Erbfolge nach der Primogenitur mare feftgestellt worden; viels mehr wurde fowohl der großere Landercomplex, der in der Folge ju dem Rurfürstenthum hannover verbunden mard, als der kleinere, der als herzogthum Braunfdweig noch bis zur Stunde einen deutschen selbständigen Rleinstaat bildet, im fiebenzehnten Sabre bundert noch baufig genug unter verschiedene Linien getheilt. Bergog Georg, ber während des dreißigjahrigen Rrieges fich durch Tapferkeit und politifche Rlugheit berporthat, traf bei feinem Lode 1641 die testamentarifche Bestimmung, daß die hannoberichen Lande in die beiden Bergogthumer Luneburg (Celle) und Calenberg (Sannover) gefdieben, diefe aber nicht weiter getheilt werden follten. Demgemaß regierte nach bem Tobe feines Bruders Friedrich bom 3. 1648 ab bon George bier Chriftian Sohnen ber altefte Chriftian Ludwig, ein friedliebender für die Boblfahrt und

Sandburg Bildung seiner Unterthanen eifrig besorgter Fürst bis zu seinem Lode 1665 in Celle, Georg Bilb. mabrend der zweite Georg Bilhelm, ber fich durch Studien und Reifen bobere von Calen- Bildung erworben und in der Schule Bilhelms von Oranien fich triegerische Erfahann in rungen gefammelt hatte, feine Refidenz in Sannover auffclug. Aber die von der Lüneburg Culturwelt entlegene, damals noch fleine Stadt gewährte dem Berzog wenig Intereffe: er übertrug die Regierung seinem geheimen Rathe und reifte nach Italien, um mehrere Jahre in der Bunderftadt Benedig ju verleben und fic an ben Beluftigungen des Carnevals zu ergogen. Als er im 3. 1665 zurudkehrte, erfuhr er auf det Reife, daß fein alterer Bruder Christian Ludwig finderlos gestorben fet. Georg Bilbeim verlangte nunmehr das Erbe des Erfigebornen, Calenberg bagegen follte bem britten Sohne des Bergogs Georg, Johann Friedrich jufallen. Diefer, ber bisher gleichfalls meiftens in

burg, gab aber ju, daß Grubenhagen bavon getrennt und mit Calenberg vereinigt,

Italien gelebt hatte, trop aller Borftellungen der Familie und ber Stande in Rom 1651 zur tatholischen Kirche übergetreten war und auch andere aus seiner Umgebung, wie den Hofmaricall von Molite, den Freiherrn von Anigge, den Profeffor Blume von Belinftadt zu dem gleichen Schritte gebracht hatte, erhob jedoch Ansprüche auf Luneburg; beide riefen die Unterftugung der Großmächte an und es fcbien, als ob ein verderblicher Brudertrieg über die hannoverischen Lande hereinbrechen follte. Doch wurde in dem Silbesheimer Reces folieblich eine Ausgleichung erzielt : Georg Bilbeim erhielt Lune-

Johann somit das herzogthum Johann Friedrichs vergrößert wurde. Leicht hatte unter der 1879. Regierung dieses energischen, Mugen und gelehrten Fürsten, der wie die Fürstenberge in Ludwigs XIV. Sold und Schut ftand und mit dem Eifer eines Reophyten den Def: und Reliquiendienft, Monche und Sefuiten liebte und begunftigte, die Retatholifirung Hannovers große Fortschritte machen konnen, hatten nicht ber geheime Rath Grote und der Superintendent Gerhard Molanus gewaltsame Schritte hintertrieben und ware nicht ber Bergog im 3. 1679, als er feine fünfte Reife nach Italien angetreten, in Augsburg ohne mannliche Rachtommen gestorben. Rach feinem Tod trat fein jungster Bruder

Ernft August Ernft August, Inhaber bes Bisthums Donabrud, an feine Stelle, berfelbe Furft. old 1000 in ber wir bereits als Gemahl der Pfalzgräfin Sophie kennen gelernt haben (S. 575). Die Prinzessin war ursprünglich mit Georg Bilhelm verlobt gewesen; dieser trug jedoch mehr Befallen an einem freien ungebundenen Leben, um ungestörter feiner Reifeluft fich hingeben zu tonnen, und bewog daber feinen jungften Bruder an feine Stelle gu treten, indem er fich jugleich foriftlich verpflichtete, teine Che ju foliegen. Er blieb feiner Bufage lange treu, da er bei naberer Befanntichaft mit feiner geiftreichen Schmagerin für Sophie felbst große Reigung empfand, welche von diefer getheilt murbe. Als er aber einft bei einem Befuche auf bem Schloffe ju Iburg eine frangofische abelige Dame bon hoher Schonheit, Cleonore d'Dlbreufe tennen lernte, bereute er fein Berfprechen. Er bewog die Geliebte, die Seine ju werden und ichlog nach einiger Beit ein Chebund. nis mit ihr, und als fie im 3. 1666 eine Tochter, Sophie Dorothea gebar, bewirkte Georg Bilhelm am taiferlichen Sofe, bag diefelbe legitimirt und die Mutter, die bisber als Madame de Barbourg befannt war, als Grafin von Bilbelmsburg anertannt ward (1674). Sie erhielt eine ftandesmäßige Ausstattung und einen Hofftaat, der hauptfachlich aus Frangofen bestand. Doch follte bas geltende Succeffionerecht baburch teine Menderung erleiben. Unter biefer Bedingung gab die Familie die Buftimmung, daß die Reichsgrafin bon Bilhelmsburg jur Bergogin, ihre Tochter jur Prinzeffin bon Braunfdweig und Luneburg erhoben wurde (1680). Diefem folgte zwei Jahre spater noch ein weiterer gamilienvertrag, fraft beffen Georg Ludwig, ber altefte Sohn Ernft Augusts von Calenberg fich mit Sophie Dorothea vermablen und jugleich bie Primogenitur eingeführt werden follte. Daburd wurde die Bereinigung der beiden Bergogthumer nach bem Tobe Georg Bilbelms bewirtt. Seitdem muchs das hannoverfche Saus wie ein Palmbaum empor. Bir wiffen, bag Ernft Auguft, bem feinc fluge Gemablin Cophie, und berftandige Rathe wie Platen, Grote, Bos rathend gur Seite ftanden, den Rang eines Rurfürften des Reichs erlangte und daß berfelbe Sohn Georg Ludwig als Georg I. den Thron von Großbritannien bestieg. letten Jahrzehnten, als die unruhige Leidenschaft fich gelegt, zeigte fich Georg Wilhelm als trefflichen Regenten, gleich bedacht fur die Boblfahrt feines Landes wie fur eine wurdige Stellung nach Außen. Bum Rreisoberften bes nieberfachfichen Rreifes ernannt, nahm er gemeinschaftlich mit feinem Bruber Ernft August Theil an bem Rriege bes Reiches wider Frankreich; aber fein Berfuch, bei ber Gelegenheit die fowebifchen Befigungen von Bremen und Berben an das welfifche Baus ju bringen, wurde durch Ludwig XIV. vereitelt. Bie Bommern, fo mußten auch die Territorien an der Befer im Rymmeger Frieden juruderstattet werben. In dem zweiten Coalitionstrieg ftand er dem Oranier und den Generalftaaten gur Seite. Bei dem finderlofen Tode des Bergogs Julius Franz von Sachsen-Lauenburg (1689) machte Georg Bilhelm die Rechte des welfischen Sauses fraft einer alten Erbberbrüderung geltend und bahnte den Anfall diefes herzogthums an das Rurhaus hannober an. Auf feine Ancegung murde die Stadt Braunfdweig, die gegenüber dem Bergog Rudolf August von Bolfenbuttel faft reichsftabtifche Rechte in Anfpruch nahm, in Die Stellung gewiefen, die ben übrigen Belfenstädten entsprach. Das Rirchen- und Schulwefen wurde in liberalem Sinne reformirt, eine Bittmen- und Baifentaffe gegrundet.

Richt ohne innere Rampfe gelangte der jungfte Bruder Ernft August von Calen- Erwerbung berg zu dem Biele, das ihm fein ftaatstluger Chrgeiz eingegeben. Gein jungerer Coon warbe. Maximilian Bilhelm fuchte durch conspiratorische Umtriebe das Gefet der Untheilbarteit und Brimogenitur umzusturzen und ließ fich in faatsverratherische Berbindungen ein, die dem Bwifchentrager Moltte einen gewaltsamen Tod auf dem Schaffot, ibm felbft haft und freiwillige Berbannung brachten. Mit Magimilian Bilhelms Muswanderung entging hannover jum zweitenmal der Gefahr einer Religionswandlung; benn auch er ftand mit Bien und Rom in vertraulichen Beziehungen und trat, wie

früher fein Oheim und Moltke, jur tatholifden Rirche über. Erft zwei Sahre vor

dem Tode Eruft Augusts erlangte bas Primogeniturgefes allfeitige Amertennung (1696), nachdem borber ber Bergog die Aurwurde erworben. Diefe Rangerhobung tonnte nur nach jahrelangen Unterhandlungen, unter großem Biderftand der übrigen Rurfurften mit Ausnahme Brandenburgs, erzielt werden. Das gange tatholifde Deutschland wehrte fich gegen die Dehrung ber proteftantifchen Stimmen im Aurcollegium: und felbft die jungere oder Bolfenbuttel'fche Linie bes Belfenhaufes erhob aus Stammeseifersucht Ginsprache gegen die Bevorzugung des verwandten Saufes. Rur fur den Sall wollten fie die Burde gulaffen, daß diefelbe fur bas braunfcweig-luneburgifche Gefammthaus nachgefucht und bann fets bon bem Actteften bes gangen Belfenhaufes reprafentirt werde. "Diefes Senioratsrecht nahm dann aber wieder die wolfenbuttel's fche Linie speciell fur fich in Auspruch, weil fie von dem alteren Sohne Eruft des Bekenners, Heinrich († 1598), die calenbergische aber nur von dem jüngeren Bilhelm (+ 1592) abstammte. Die Deductionen in diefem Geifte wuchsen wie Bilge aus der Erde." Erft als Ernft August dem Raiferbaufe in feiner Bedrangnis gegen Die Türken im Often und gegen Frankreich im Beften namhafte Unterftugungen in Ausficht ftellte, murbe endlich die Opposition übermunden. Rachdem burch den Reichstag die Erhebung Sannovers zu ber Rurmurbe befchloffen (17. Oft. 1692), erfolgte in Bien die feierliche Belehnung (9. Decbr.). Aber noch immer tamen die Gegner nicht zur Aube; auch auf dem Friedenscongreß ju Roswid tonnte die allgemeine Anerkennung der europaifchen Georg Rächte nicht erzielt werden. Erst nach Ernst Augusts Lode gelangte endlich fein Sohn 1698 (1708) Ge org Ludwig gum Biel, nachdem er in Gemeinschaft mit feinem Deim und Schwiegerbater Georg Bilhelm von Celle ben wiberfpenftigen Better Audolf August von Braunfcweig-Bolfenbuttel durch Drohungen und Berfprechungen jum Aufgeben feines Proteftes gebracht und nach dem Tode Georg Bilhelms (28. Mug. 1705) alle hannoverichen Lande unter seinem Scepter vereinigt hatte. Runmehr erfolgte die feierliche Aufnahme Georg Ludwigs in bas Aurfürstencollegium und die Uebertragung des Reichsamtes eines Erg-Schapmeifters (Gept. 1708), Unter welchen Umftanden der Rurfurft auf ben Thron von England gelangte, fo wie die bausliden Bermurfniffe mit feiner Gemablin Sophie Dorothea von Celle haben wir früher tennen gelernt (6. 891). Bie ber Bater Ernft August zum großen Schmerz feiner tugendhaften Gemablin mit ber Frau feines geheimen Raths Blaten im ehebrecherischen Umgang lebte, fo der Kurpring mit dem Fraukein von der Schulenburg und mit mehreren andern hochgestellten Damen. Uebrigens war Georg Ludwig ein willensstarter weltlinger Mann von großer Arbeitetraft aber wortfarg, verfchloffen und mit feinem Urtheil gurudhaltend. - Die Berbindung mit England gereichte bem Laube Sannover nicht zum Rachtheil. Die englischen Könige behandelten ihr beutsches Stammland ftets mit Borliebe und wendeten ihm von ihrem Ueberflus Manches ju. Georg I. verweilte lieber in Deutschland als in England, wo er fich immer fremd fühlte; er bewirtte daber, wie erwähnt, die Besettigung der Bestimmung, daß der Ronig nicht ohne Erlaubnis des Parlaments den englischen Boden verlaffen durfe, aus der Suceffionsalte und benutte dann jede Beranlaffung, um fein Stammland zu befuchen. Auf einer folchen Reife farb er am 22. Juni 1727 und wurde in hannover begraben. Unter Georg II., bem Sohne Georg Ludwigs und ber ungludlichen Sophia Dorothea auf Schloß Ahlben, deren unverdientes Schickfal er dem Bater nie vergeben konnte, wurde auf Betreiben und unter Mitwirtung des hochsinnigen hannoverfchen Ministers Gerlach Abolf von Rundhaufen im Jahre 1737 bie Unis verfitat Gottingen gegrundet, eine weithinstrahlende Leuchte im nordlichen Deutschland.

> Aber die Bortheile, die das Kurfürstenthum durch die Berbindung mit der Großmacht erhielt, bezahlte es mit einer abhängigen Unterordnung und dem Aufgeben alles seib-

ftandigen bolitifden Lebens. Sannober fant zu einem deutschen Rleinftaat berab, ber von London aus seine Impulse erhielt. Unter der Aristocratie ris ein dunkelhafter Chrgeiz und hochmuth und ein rechthaberifdes Selbftgefühl ein. Die Standesintereffen überwogen die vaterlandischen.

An Große und außerer Machtftellung blieb bas Bergogthum Braunfdmeig. b. Brauns Bolfenbuttel hinter bem andern welfischen Stammland jurud; dafür erlangte Bolfen fein Fürftenhaus die bochften militarifden Chren. Als der eigentliche Grunder der battel. Braunfdweig-Bolfenbuttel'ichen Linie ift Bergog Muguft ber Jungere gu betrachten, Auguft ber ein durch Studien und weite Reisen gebildeter Fürft, ber nach Rraften bemuht mar + 1006. bie Bunden zu beilen, die der große beutsche Rrieg dem Lande geschlagen, und neben ber Berbefferung des Gerichtsmefens befonders auf Bebung des Unterrichts und ber Boltsbildung bedacht mar. Die Bolfenbutteler Bibliothet ift hauptfachlich feine Schöpfung. Auch er fuchte burch Ginführung ber Brimogenitur meiteren Theilungen vorzubeugen; allein die Abfict wurde nur mangelhaft durchgeführt: nicht nur daß fein Erftgeborner Rudolf Auguft, dem die Staatsgeschäfte zur Laft maren, Rubolf einen Bruder Anton Ulrich gur Mitregierung in Braunschweig-Bolfenbuttel berief; + 1704, sein füngster Bruder Ferdinand Albrecht I. vereinigte einen namhaften Theil ber Anton Ulrich Befitungen ju einem eigenen Bergogthum Braunfchmeig-Bebern und murbe der Berbinanb Stifter einer befonderen Linie, der eine große Butunft beschieden mar. Unter Rudolf Br. Bevern. August murde, wie erwähnt, durch die Beranstaltung des gesammten Belfenhauses die 1887. Stadt Braunschweig gezwungen, ihre Ansprüche auf Autonomie aufzugeben und bem 3mi 1671. Bergog Buldigung zu leiften. Domohl fpater zur Sauptftadt des Bergogthums Braunfcweig-Bolfenbuttel erhoben gelangte fie nie wieder gu dem Glanze, in dem fich bie alte Banfaftadt gezeigt hatte. Bon den beiden regierenden Brudern mar der zweite, Anton Ulrich, weitaus ber bedeutendere. "Er war ein ftattlicher Mann, gebieterifc und gleichzeitig durch Freundlichkeit gewinnend, prachtliebend, weltklug, nicht ohne Reigung für Intrique und rafch in der Ausführung, bon fein berechneten Entwürfen." Durch Studien und Reisen mit Runften und Biffenschaften befreundet bat er fic befonders die Gebung ber Bildung feines Landes angelegen fein laffen. Bon feiner Liebe für die Biffenschaften giebt die Bolfenbutteler Bibliothet, die er bedeutend vermehrte, Beugnis, bon feinen literarifden Arbeiten ift S. 765 die Rede gewesen. Dort murde auch ermahnt, daß er noch in feinem hohen Alter gur tatholifden Rirche übertrat. Es gefcah dies um diefelbe Beit, als feine Entelin Elifabeth Chriftine bei ihrer Bermahlung mit bem Erzbergog Rarl von Defterreich gleichfalls die Religion wechselte (S. 827). Er hoffte fich badurch am Biener und Berfailler hof in Gunft zu bringen und die Erbebung Sannovers jur Aurwurde, gegen die er viele Jahre felbft mit conspiratorifden Mitteln vergeblich gearbeitet hatte, ju hintertreiben ober rudgangig zu machen. Da ber altere Bruder Rudolf August, ber teine Sohne befaß und nach bem Tode feiner Sattin ein unebenburtiges Chebundnis mit "Madame Rudolphine", der Tochter des Chirurgen Menthe von Minden gefchloffen hatte, im Jahre 1704 ftarb, fo übernahm Anton Urich allein die Regierung in Braunschweig-Bolfenbuttel, Die bei feinem Tode (1714) auf feinen Sohn Muguft Bilbelm überging, einen lebensfrohen freundlichen Muguft herrn, dem es aber an Charatterfestigteit und Menschenkenntniß gebrach. Um seinem + 1781, Sang ju glangender Gofhaltung und feiner Bauluft frohnen ju tonnen, wozu die Rammereinkunfte nicht hinreichten, folos er nut England einen Subsidienvertrag, worin er fich gegen eine Summe bon 25000 Bf. St. jur Lieferung von 5000 Mann berpflichtete. Unwurdige Gunftlinge genoffen und migbrauchten fein Bertrauen. Obwohl breimal verheirathet ftarb Muguft Bilhelm tinderlos, und nun übernahm fein Bruder Bubolf Ludwig Rudolf, der bisher die Grafichaft Blankenburg befeffen, die Regierung, + 1734

# 964 G. Das achtzehnte Jahrh. in ben vier erften Jahrzehnten.

ein einsichtsvoller traftiger Furft, welcher die unter seinem Bruder eingeriffenen Unordnungen zu beseitigen und den gefuntenen Boblstand zu beben bemuht war. Aber schon

nach vier Jahren ging auch er finderlos aus der Belt und nun gelangte ber Sohn jenes Ferdinand Albrecht, des Stifters der Bebernichen Linie, der den Ramen des Baters trug, jum Befit ber gefammten Braunschweigschen Lande. Ferdinand mar ein tapferer Soldat, der fich in den taiferlichen heeren mabrend der Turten- und Frangofentriege ausgezeichnet hatte. Aber er ftarb noch in bemfelben Sahre und hatte feinen Erfige-Karl bornen Rarl zum Rachfolger. Den zweiten Sohn Anton Ulrich haben wir früher als Gemahl der ruffifchen Raiferin Anna tennen gelernt (S. 910). Dem dritten Sohne Ludwig Ernft, der Die friegerifche Laufbahn einschlug, Die dem Gefchlechte so boben Ruhm eintragen follte, werden wir fpater als Generalcapitan der Republit Solland und Bormund bes Erbstatthalters Bilbelm V. begegnen. Die brei jungeren Sohne Ferdinand, Albrecht und Friedrich Frang dienten unter Friedrich II., deffen Semablin Elisabeth Christine ihre Schwester war, in den preußischen Beeren mit Ruhm und Muszeichnung. Bir werben bes tapferen gelbherrn gerbinand und feines Reffen und Grofneffen gleichen Ramens noch bes ofteren gebenten muffen. Bei fo naben Begiehungen ju Breugen murde das Bergogthum Braunschweig-Bolfenbuttel in die Gefcide diefes Staats verflochten und theilte mit demfelben die Tage des friegerifchen Ruhmes wie die des Unglude und der Leiden. Bahrend fein Bruder, der allere Ferbinand fich in den Schlachten des fiebenjährigen Rrieges Lorbeern ertampfte und bann auf feinem Schloffe ju Bechelde in der Burudgezogenheit des Bribattebens feine fpateren Tage verbrachte, richtete der mit einer preußischen Ronigstochter vermählte Bergog Rarl, ber fich für ben Bwang und die Enthaltfamteit, die ihm eine rigorofe Erziehung in ber Jugend auferlegt, durch Singebung an eine schrankenlose Freiheit und Gigenwilligkeit zu entschädigen suchte, in Braunschweig Sof und Regierung in einer Beise ein, wie fie ber neuen glanzenden Rangftellung bes Saufes zu entfprechen fcien. Gin Dann von unternehmendem Beifte, bon Bildung und Cinfict bat er manche gwedmaßige Einrichtungen ins Leben gerufen, das Schulwesen gehoben, unter dem Beirathe des Abtes Berufalem das Collegium Carolinum gegrundet, und an ber Reformthatigkeit feiner Beit regen Untheil genommen. Aber diefe Lichtfeiten wurden durch große Schatten verdunkelt. Leidenschaftlich, genußsuchtig, verfdwenderisch gab er fic den Freuden bes Hoflebens im Uebermaß hin; Braunschweig, die neue Refidengstadt, follte ein fleines Berfailles barftellen. Ein prachtvolles Theater, das einen Bufchus von jahrlich 70,000 Thalern erforderte, die glanzende hofhaltung, der großartigfte Aufwand, die Unterhaltung iconer Frauen, toftspielige Reisen, leidenschaftlicher Bang jum Gludefpiel, die Bermehrung des Militars, Rarls Projettenmacherei und feine "alchymistifchen Bersuche" verschlangen unermeßliche Summen und machten die Lage des Landes trauriger denn je. "Die Ausgaben überschritten die Ginnahmen um jahrlich 80,000 Thaler und die Schuldenmaffe des herzogthums erhobte fich bis auf faft zwolf Millionen. Der Minifter bon Schlieftadt hatte feine liebe Roth, bei folden Finangberhaltniffen noch immer Geld beigufchaffen, und boch marb es taglich von ihm verlangt." Bon bem hofe Rarls hat Lessing die Büge für sein Drama Emilia Galotti entlebnen können. Dann und wann fonitt ihm die Roth des Bolles ins Berg, dann fann er auf Abhulfe und wollte die Lasten vermindern. Aber es fehlte ihm an der erforderlichen Thattraft. Beftigkeit ging er auf die ihm borgelegten Plane ein, um fie eben fo rasch über einen neugebotenen Sinnengenuß wieder ju bergeffen." Als fpater der Erbpring Bilbelm Ferdinand an der Regierung Theil nahm, wurden manche Schaden und Difftande beseitigt; bag aber auch er in dem englisch-americanischen Krieg an dem Goldatenhandel fich betheiligte, um die Finanglage zu beffern, hat auf seinen berühmten Ramen einen buftern Schatten geworfen.

### 8. Kirchliche und religiöse Beitrichtungen.

Benn im fiebengehnten Jahrhundert von Seiten der Jesuiten und Ultra- Richliche montanen die gegenreformatorischen Bersuche auch noch nach bem westfälischen ber evang. Frieden andauerten, bas Berübergieben ber protestantischen Confessionsbermandten in die romifch-tatholische Rirche, fei es mit Bewalt ober durch Ueberredung und Berführung, ein hauptanliegen bes papftlichen Rlerus bilbete; fo fand man fich im achtzehnten Sahrhundert mehr und mehr in die Rothwendigkeit, mit ben gegebenen Factoren zu rechnen, bas Bestehende zur Basis und zum Ausgangspunkt religiöser Thatigkeit und Bestrebungen zu machen. Da traten benn vorzugsweise zwei Tendenzen zu Tage, je nachdem man nach einer Berfohnung der confessionellen Gegenfage, nach einer Ausgleichung ber Unterscheidungslehren ftrebte und neben bem Beharren auf ber Autorität der Rirche auch für einige Reformen und bog. matische Milberungen Raum ließ; ober im Schoofe ber eigenen Bekenntniffe nach Beilmitteln für einseitige bebenkliche Richtungen suchte. Es mar ein ebles Beftreben ber Belmftabter Bochichule, die icharfen Glaubensfage der Betenntniffdriften abzuschwächen, eine weitherzige Gleichberechtigung und Bermanbtichaft ber verschiedenen Religionegefellschaften an Die Stelle rechtgläubiger Aus. folieflichteit und Berteperungefucht ju fegen und auf einen Beitpuntt gurudgugeben, wo ber Entwidelungs. und Ausbildungsprozes bes Christenthums noch nicht zu Formen und Dogmen erstarrt mar, mit benen Bernunft und Ratur nicht vereinbar find: aber bie realen Gewalten waren ftarter als bie irenischen und humanistischen Bestrebungen. Gin fo vornehmer Beift wie Leibnig mochte von feiner wiffenschaftlichen Bobe berab wohl an die Möglichkeit einer ibealen Beltverfohnung unter ber Sahne Chrifti glauben, felbft wenn die Nachfolger bes erften Apostels biefelbe emporhalten murben; aber bie prattifchen Bortampfer ber Rirche verftanden unter einer Union nur die Rudfehr bes verlornen Sohnes in bas Baterhaus. Fur ben gelehrten Bischof Boffuet gab es ichließlich boch nur eine Rirche, wie fie bas Tribentiner Concil geschaffen. Der Abfall einiger bervorragenden Berfonlichfeiten vom ebangelischen Glauben wurde nicht gang mit Unrecht als Beichen gebeutet, welche Confequengen ber Ultramontanismus aus ber ibealen Seelenrichtung im feindlichen Beerlager zu ziehen miffe. - Fur bie orthodoxen Butheraner in Leipzig und Bittenberg, welche von vorne berein alle Unionegedanten von fich wiesen, mar das Fehlschlagen der liberalen und latitudinarischen Bestrebungen eine Beranlaffung, ben starren Dogmatismus und Symbolglauben noch ichroffer auszubilden, bas himmelreich an ben Buchftaben und die Ausbrude ber Concordienformel ju fnupfen, die Sittenlehre und die unmittelbare hingebung ber Seele an bas Gottliche gering ju achten und die

Religiondubung in einen Lippendienft zu verwandeln. Buther hatte die Menfchbeit aus bem Joche ber Tradition erlöft, fagte Leffing von ben Theologen Diefer Beit, seine Rachfolger luben ihr bafur bas noch unerträglichere Joch bes Buchftabens auf. Bie aber jede Uebertreibung ben Biberfpruch als Seilmittel berporruft, so trat der Leipziger Orthodoxie eine Richtung entgegen, welche von Spener, hermann Frande und ihren Gefinnungegenoffen ausgebilbet, bas Chriftenthum als Sache bes Bergens und Billens betrachtete, beffen Frucht bie Beiligung fei ober die innere Biebergeburt bes Menschen burch ben Beiftand ber Gnade Sottes. Diese Richtung, welche auf ber Univerfitat Salle ihr fiegreiches Banner aufpflanzte, trat bem unfruchtbaren talten Berftanbeswert ber Orthodoren mit einer Religion ber Gottesliebe, ber Frommigkeit im Leben, bes werktbatigen Chriftenthums entgegen, ben Spott und die Berleumdung ber Gegner, Die ihnen ben Ramen "Pietiften" ertheilten, durch ihr Thun und ihre Birtfamteit wiberlegend. Aber auch ber Bietismus trug franthafte Reime in feinem Schoof, biefe traten mehr und mehr hervor, als ber Begenfas, burch beffen Befampfung die Saupter ber pietiftischen Richtung ihre Bedeutung fur die menschliche Seelenbilbung und ihre Bopularitat erlangt hatten, affmablich unter ber Macht bes Beitgeiftes verfdwand ober gemilbert warb. Als die Bolemit gegen eine robe Glanbenstprannei gegenftanbelos geworben, verfielen bie Bietiften einem Seltengeifte, ber fich nicht burch Liebesmarme, fondern burch Absonderung bon ber Welt und ber übrigen Menschheit und durch eine buntelhafte Selbstgerechtig. teit zu ertennen gab. Rur in der Sette ber Beren buter lebt ber werfthatige prattisch-religiose Beift eines Spener und Frande, aus beren Rreis ber Stifter ber "Brudergemeinde" Graf Bingenborf hervorgegangen war, noch bis ant Stunde fort. Achnlich in Urfprung und Entwidelung mit den Bietisten und Berenhutem war ber englische Methodismus, wogegen die Swedenborgide Sette, bie auch in Dentfcland einige Auslaufer bat, mehr in die mpftifch-theofophifden Speculationen eines Jacob Bohine einlenkte.

Die fathol. Rirche.

Wie in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tiefere Gemüther auf andere Weife als die herrschende Theologie vorschrieb, ihr religiöses Bedürsniß zu befriedigen, durch irmigere unmittelbare Verbindung sich mit Gott zu vereinigen strebten; so sucht nach i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ernstere Raturen durch verschärfte Ascetik oder 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der religiösen Erschlassung und Verslachung entgegenzuwirken. Waren jene bestissen, gleichgesinnte Seelen in Conventikeln und Setten um sich zu sammeln, so glaubten diese durch Gründung neuer Orden und Senossenschaften innerhalb der Kirche dem zunehmenden Indisserentismus entgegenabeiten, die religiöse Abspannung durch geistliche Uedungen anreizen, das katholische Bewußtsein schärfen und beleben zu müssen. Frankreich war der fruchtbarkt Boden für diese Bestrebungen. Gegenüber dem Jansenismus von Port-Rohal und dem Quietismus, die eine von der Papstkirche adweichende Richtung nahmen, sinchten Andere durch Stärkung und Weiederbelebung älterer Ordensregeln den

altfatholifchen Inflituten eine ben Beburfniffen ber Beit nicht ontspoochende Dr. ganifation zu geben. Go lebte ber wiffenfchaftliche Geff bes Benedictinerordens in der Congregation bon St. Maurus wieder auf. Aus dem Schoofe ber von Benard gegrundeten Religionegenoffenschaft der Mauriner gingen bedeutende Berte gelehrten Forichungs. und Sammelfleifes auf gefchichtlichem und fprachlichem Gebiete berbor. Man beaucht nur im die großartigen Arbeiten von Mabillon, von Montfaucon, von Ducange, un die Art de vérifier les dates, an bie trefflichen Ausgaben alterer Rirchenschriftsteller zu erinnern. Go war ber von dem frangofischen Abte La Rance (+ 1700) in dem Rlofter La Trappe erneuerte Trappiften Drben, in welchem der Stuart Jacob II. Rube por den Beltfturmen fuchte, eine Bieberherftellung bes ursprünglichen Ciftercienserorbens mit erhabter Enthaltsamkeit und Abgeschhoffenheit; benn felbft ber Eroft bes Gefprachs und der Biffenschaft mar ihnen verfagt. Go grundete ber Abbe be la Salle (1724) ben Orben ber Bruber ber driftlichen Schulen (Janorantins), vornehmlich zur Bildung funftiger Lehrer im Beifte ber Befellichaft Sefu. Auch Die "Genoffenschaft vom allerheiligften Erlofer", ober Redemptoriften, geftiftet von dem Reapolitaner Alfons Maria Lignori († 1787), "dem der Wilke des Papftes der Bille Gottes war", follte neben der Armen- und Krankenpflege bem Bolksunterricht bienen. Der Redemptoristenorben war eine Abart ber Befuiten, deren Tendengen und Grundfate in den Tagen ber Bedrangnif im Schoofe ber befreundeten Brüderschaft Schut fuchten. - Um ber Macht geistiget Aufflarung, welche im Gefolge ber Reformation über bie Belt gog, enigegenguwirten, wendete die ronrifche Rirche der Erziehung und bent Unterrichte im Beifte tatholifcher Gläubigfeit mehr Sorgfalt ju. Bu bem Ende wurden auch Bereine ohne Gelübbe gegründet. Bon der Art maren die Schwesterschaften "jur Unbetung des Bergens Jefu und Maria's", die "bon ben Jesuiten auf Anvegung liebefcwarmender Ronnen empfohien" bon Rom nach einigem Bedenken geftattet wurden und in ben Beiten ber tirchlich-politischen Reaction eine weite Berbreitung fanden.

Die Bestimmungen des weffalifchen Friedens binderten die Jefuiten und Romlinge 1. Betebs nicht, nach wie vor die Belehrung der Broteftanten mit allen Mitteln ju betreiben und Religionsbas friedfertige Rebeneinanderleben ber berfchiedenen Confessionen gu ftoren. Ginige wechfel. katholische Regierungen fuhren fort, ihren andersgläubigen Unterthanen die Ausübung ihres Gottesbienftes und ben Genuß der Sacramente zu berfagen und baburch allmabrich die Urchliche Ginheit in ihren Erbftaaten zu begründen. Befonders wurden in Defterreich, wo die Ebangelifchen nicht in die Tolerangbestimmungen des westfälischen Ariebend inbegriffen waren, die Bebruchungen abatholischer Gemeinden und die Bekehrungen berborvagender Anbanger der augsburger oder helbetischen Confession mit Erfolg fortgefest. Bar boch ber lebertritt von ber protestantifchen jur tatholischen Atrebe ber ficherfte Weg zu Menntern und Bonrben, wie die faiferlichen Rathe Bartenftein, Biefenhuter, ber Feldmarfchall Trann und fo viele andere bewiefen. Bo die Glaubens: treue bem Betehrungsteifer und ben Berlodungen wiberftand, schritt man, wie in Schieften n. a. D., gu Landesverweifungen. Die Bugeftandniffe, die ber Schwedentinig

Rarl XII. erzwang (S. 838), wurden nach feinem Fall vergeffen. Siebenburgen ward ben öfterreichischen Evangelischen Freiftatte und Egil, feitbem in Ungarn die politifche und firchliche Reaction unter ben Magnaten große Fortschritte machte (6. 449. 456). In Salaburg maren feit bem 16. Jahrhundert ftille Bemeinden Evangelifch= 1729. gefinnter als fleißige Unterthanen geduldet worden, bis der Erzbischof Leopold Anton Graf von Firmian fie mit Gewalt bekehren wollte. Sie follten die Bibeln, die fie in ibren Baufern ju lefen pflegten, und ihre Gebets- und Andachtsbucher abliefern, Die Meffe befuchen und den tatholifchen Gruß bieten. Ihre Beigerung murde als Emporung gegen die Obrigkeit erklart und zur Anwendung von Gewalt benutt. "Da schwuren hundert Aeltefte auf die Softie und geweihtes Salz in einer einsamen Rluft der Schwarzach unter ber Sonntagsmorgenbammerung bem breimaleinigen Gott Treue am evangelischen 31. Dit. Glauben und einander ein bruderlich Berg im Unglud." Das erzbifchöfliche Emigrationsvatent vertrieb fie unter den hartesten Bedingungen von Saus und Hof; an 20,000, welche in ihrer heimath an hab und Gut noch über 21/2 Millionen Gulden zu fordern batten, fanden Gaftfreundschaft in Breußen, wo ihre Abtommlinge noch heut zu Sage mitten unter litthauischer Bevollerung ungemischt fortbesteben. Die Bermogenberen unter ihnen tauften fich Freiguter, die Unbemittelten erhielten Roffathenhofe, die fie auf 1782. ihre Rinder vererben tonnten. Dreihundert wurden im nachften Jahr mit englischer Sulfe nach ber bamals neuen Rolonie Georgia gebracht und mit Grundbefit verfeben. Ihre Rachtommen haben fich durch Bleiß, Sparfamteit und hausliche Tugend Bohlftand erworben. Unter welchen Bedrudungen die Reformirten in der Bfalg feit ber Ruswidichen Claufel ju leiden hatten, ift fruber ermahnt worden (G. 939 ff.). Ihre Rlagen und Beschwerden auf bem Regensburger Reichstag bildeten eine ununterbrochene Leis benegefcichte. - Radft ben Bebrudungen ber Ebangelifden mar befonders bas berüberziehen einzelner Fürften zur tatholischen Rirche ein Mittel zur Beförderung bes

densgeschichte. — Rachst den Bedrüdungen der Evangelischen war besonders das herüberzlehen einzelner Fürsten zur katholischen Kirche ein Mittel zur Besorderung des
Ratholicismus und der Erhaltung der Uneinigkeit in Deutschand. Wir hab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taaten gesehen, daß es kaum ein protestantisches Fürstenhaus gab, aus dem nicht einzelne Glieder dem Glauben ihrer Väter entrissen wurden.
Sachsen erhielt dauernd, Braunschweig in Anton Ulrich, Hannover in Iohann Friedrich,
Würtemberg in Karl Alexander vorübergehend katholische Regenten; das pfalzzweibrücksche Fürstenhaus, das in der Folge den baierischen Königsthron bestieg, trat gegen
die Mitte des achtzehnten Iahrhunderts zur katholischen Kirche über; Landgraf Ernst
von Hessenscheinsche suchte bei der papstlichen Autorität Buslucht gegen die Bweisel und
Entzweiungen in den protestantischen Consessionen und bemühte sich auch Leibniz zu demselben Schritt zu bewegen. Man hat bändereiche Werke versaht, in denen die Vorkämpfer
des Paptsmus die Triumphe und Croberungen ihrer Kirche als Beweise der siegreichen
Krast der katholischen Lehre vorführten: Wer aber Serzen und Rieren zu prüfen vermöchte,
dem würde es nicht entgehen, wie viele weltliche und unlautere Motive mitwirkten oder
den Ausschlag gaben. Den Einen lockte der Chrygeiz und die Aussicht auf Rang, Aemter
und Bürden, den Andern künstlerische Reigungen und Liebe zu Pracht und Ceremonien.

2. Unions verfuche.

Bie sehr auch immer durch den Bekehrungseiser der Issuiten und anderer Ordensgeistlichen die confessionelle Spaltung vergrößert, wie sehr durch die Intoleranz der sethodogen Lutheraner innerhalb der protestantischen Kirche selbst der religiöse Hader genährt und geschürt ward; so sehlte es doch auch im siebenzehnten und achtzehnten Iahrundert nicht an Bersuchen, auf friedlichem Bege durch Ausgleichung der Unterscheidungslehren eine kirchliche Einigung herbeizuführen; doch waren alle diese Bersuch so wenig von Erfolg begleitet als im Resormationszeitalter, ja sie führten gewöhn-

Und feitdem der Uebertritt jum Modeton gehorte und als Beichen feiner vornehmer

Bildung galt, mehrten fich in den ariftotratischen Rreisen die Abfalle.

lich zu neuen theologischen Entzweiungen und Streitigkeiten. Besonders waren die Braunfdweiger Lande, wo bon jeber eine liberalere Auffaffung beimifc mar und bie Concordienformel nie Eingang gefunden, ber Boben folder Bereinigungbestrebungen. So suchte mabrend des dreißigjahrigen Rrieges Georg Caligtus (Callifen) aus dem Calintus Schleswigfden, ein ebler, vorurtheilsfreier, burch Studien und Reifen vielfeitig gebildeter Mann, als Professor ber Univerfitat Belmftadt ber Theologie eine freiere Saltung ju geben, indem er gute Berte, b. h. einen sittlichen Bandel höher ftellte als den Glauben an den Buchftaben der Betenntniffdriften, im Geifte Delandthons die irenifchen Beftrebungen ju fordern fuchte und eine Bereinigung ber verschiedenen Confessionen als möglich darftellte, wenn alle auf die Concilienbeschluffe der funf erften Jahrhunderte gurudgingen und fich damit begnügten. Alle driftlichen Rirchen, lehrte er, feien im Grunde des Glaubens einig und alle Glieder derfelben, welche auf diesem Glaubensgrund ftanden, wurden einft ber Seligkeit theilhaftig werden. Er meinte, man tonne den papftlichen Primat unter gewiffen Beschräntungen einraumen, das Abendmahl als Opfer, und Bebete fur die Lodten gelten laffen. Aber wie entbrannte ber Born ber orthodogen Lutheraner in Bittenberg und Leipzig gegen folche Berirrungen! Man nannte bas Streben bes Caligtus Religionsmengerei (Syntretismus), fcalt ihn einen geheimen Bapiften, und als er im Auftrag des Kurfürften von Brandenburg dem Religionsgespräch in Thorn beiwohnte (1645), wo eine Berftandigung zwischen Ratholiten und Diffidenten und zwifchen Lutheranern und Reformirten angebahnt werden follte, fundigten ihm die orthodogen Beloten, an ihrer Spipe der ftreitbare Bionsmächter Abrah. Calovius und der Dresdener Oberhofprediger Jacob Beller die Gemeinschaft mit ihrer Rirche auf; ja fie bewogen fogar ben Rurfürsten von Sachfen, daß er den Braunfoweiger fof zu Magregeln der Strenge aufforderte. Caligtus fand jedoch Schut bei feinem gurften, Unertennung bei feinen Belmftabter Collegen, insbefondere bei Berm. Conring, bem größten Gelehrten seiner Beit und Achtung bei ben höheren Standen des In- und Auslandes. Aber ber Uebertritt einiger feiner Schuler gur tatholifchen Rirche rechtfertigte das Mistrauen und die Furcht feiner Biderfacher über die Birfungen einer religiofen Richtung, die unter bem Schild ber Milbe und Bertraglichkeit gegen Andere den Indifferentismus gegen die eigene Sache in fich berge. Der foncretiftische Streit bielt die Geifter noch lange in Bewegung und die latitudinarischen und irenischen Ideen, die babei ju Tage traten, wedten neue Unionsbestrebungen in beiden Beerlagern. Benn Die ewige Seligkeit unter allen Glaubensformen erzielt, ber Papft nicht als ber Antidrift verworfen, bie altdriftliche bifcofliche Rirchenverfaffung jugelaffen werden konnte, follte ba nicht eine Grundlage gefunden werden, auf welcher eine Lebensgemeinschaft bestehen tonnte, bis eine allgemeine Rirchenversammlung, auf welcher auch die Protestanten Sig und Stimme batten, eine neue Entscheidung treffen murbe? Mit folden Absichten bereifte Chriftoph Rojas de Spinola, Bifchof von Bienerifch-Reuftadt im Auftrage bes Papftes und bes Raifers insgeheim verschiedene deutsche Lander, um bei den proteftantischen höfen und Beiftlichen in diesem Sinne zu wirken. In Sannover und Braunschweig, wo man eine Annaherung an das Raiserhaus suchte und die Caligtinischen Anfichten die confessionellen Gegenfate abgefcwächt hatten, maren die Bemubungen nicht gang erfolglos. Richt nur, daß ber erfte Geiftliche bes Landes, Gerhard Molanus die firchliche Bereinigung für möglich und wunschenswerth hielt; auch ein fo bedeutender Gelehrter wie Leibnig befchaftigte fich mit dem Plane einer Union gur Berfohnung der Belt und jur Forderung der Biffenschaft. Er trat in Unterhandlung mit Boffuet, "welcher Briefterebe, Reld und die Meffe in der Boltsfprache jugeftand, mabrend Leibnig die tatholifche Rirchenverfaffung als menschliche Ginrichtung für annehmbar actete und mit dem Spiele feiner Gedanten fich auch in das tatholifche Dogma binein-

bacte." Aber als ber fromgofifche Bralat bie Delbentiner Befoldffe als bie mmwanbelbare Grundlage ber Rirche in Segenwart und Butunft erklärte, überzeugte fic Leibnig, das jedes irmifche Streben erfolglos fei, fo lange man in Rom die Protestanten als verirrte Abtrunnige anfebe, die nur durch reumuthige Rudtebr in den Schoof ber alleinfeligmachenden Rirche Berfohnung erlangen konnten. Er brach die Unterhandlungen ab "mit bem Bertrauen, daß einft die Sache fich von felbft vollbringen werbe." Der Uebertritt mehrerer fürfilichen Berfonen des braunschweig-hannoverifchen Saufes, beffen wir früher gebachten, wurde diefen Unionsbestrebungen und bem Caligtinischen Syncretismus der helmftadter Schule zugefchrieben. Das Gutachten eines gelehrten Brofeffors diefer Universität, Johann Fabricius, foll den Religionswecksel der Brannfcmeiger Fürstentochter Chriftine Glifabeth, Gemahlin Rarls VI. und ihres Grosvaters geforbert haben. Als er bon bem Saffe und ber Berachtung feiner Confestioneberwandten getroffen sein Lehramt aufgab, wurde er zur Entschählgung mit der Aufficht ber Landesschulen betraut. - Richt viel erfolgreicher waren die Bestrebungen, eine Bereinigung der beiben protestantifchen Confestionen ju erzielen, fo febr auch burch ben Apswider Frieden eine Berbrüderung aller atatholischen Religionsgenoffenschaften beingend geboten mar. Die Bemühungen bes brandenburgifchepreuhifchen Berricherhaufes, burch milbere gaffung ber Unterscheidungslehren eine Bereinigung anzubahnen, scheiterten an bem Sifer ber lutherischen Beifflichkeit, welche die Hoffnung, daß auch die Salviniften felig werben tonnten, für "teuflische Eingebung" ertlarte, und an ber hartnadigteit ber evangelischen Landstände (S. 602). Doch trat endlich die durch viele Cinwanderungen von Calvinisten vermehrte reformirte Rirche gleichberechtigt neben die lutherifce. Go waren alle Unionsbestebungen, alle die mannichfachen Berfuche, durch Aufgebung ober Abidwadung ber Unterfciebe die Ginheit ber driftlichen Rirche berguftellen, "fatt fpurlos vorübergehend aber wie eine Beiffagung".

3. Die luthe rifche Drtho

Die fclimmfte Birtung ber fontretiftifden Streitigteiten war ber übergroße Sifer, borie und ber mit bem die orthooogen zurgeruner die anewigerungen bestelte nicht gedacht, Bietismus. lichen Wirtungen bes Christenthums wurde nicht nur in biefem Strette nicht gedacht, gle und ber mit bem die orthodogen Lutheraner die Unterscheibungslehren vortrugen. "An die fittfondern auch in den Bredigten wurden mehr dogmattiche Gegenkande polemifc behanbelt, als eine fittlich wohlthätige Anwendung berfelben empfohlen." Die Religion ward gur Sache bes Berftanbes, die weder einen fittlichen Ginfluß übte, noch innere Frommigteit erzeugte, die Theologie ju einer neuen Scholaftit ohne den philosophifchen Scharf. finn ber alten, ihre Folge "eine Erftarrung des Geiftes, bie nur in Steett und Berteherung auffebte." Bei einer folden Richtung ber protestantischen Relinionslesse war Gefahr vorhanden, daß über der durren Orthodogie und dem Glauben an den Buchftaben der fymbolifchen Bucher, Die bas Evangelium allmablich aus ber Rirde verbrangt hatten, bas driftliche Leben und die Barme bes religiöfen Gefühls gang ju Grunde gehe, über ber Reinheit ber Lehre die Reinheit ber Sitte und bie Frommigfeit bes Bergens abbanden tomme. Beides burch Biederbelebung bes Bibelftubiums gu erweden, alle Chriften zu einem allgemeinen Briefterthum zu erziehen, Die Guter, welche Luther bem bentichen Bolte errungen, aus ber Berbuntelung gurudguführen, war bas 1635-1705. Streben Philipp Bacob Spener's aus bem Elfas, der in Strafburg fromm und freisinnig erzogen, in Frankfurt als Senior ber ebangelischen Getflichen und in Dresben als Oberhofprediger thatig war und als Propft in Berlin ftarb, und feiner Freunde und Anbanger. Bon ihren Begnern wegen übertriebener Rundgebung ihrer Frommig. keit im außeren Leben und wegen ihres Drangens auf werkthatiges Shriftenthum gegenüber der herrichenden Lehr- und Betenntnifgerechtigteit als "Bietiften" verunglimpft, haben fle burch ihr Thun ben Ramen im Unfang ihrer Birtfamteit ju Gpen gebracht. Die Sausversammlungen ober Bibelftunden, Collogia pietatis genannt,

welche Spener einrichtete und feine Junger in feinem Gelfte fortführten, wectten eine fromme Innigfeit burch erbauliche Auslegung ber B. Schrift und burch driftliches Befprad. Seine "Pia desideria ober hergliches Berlangen nach gottgefälliger Befferung ber mahren ebangelischen Rirche" forderten ju einer Reformation bes religiöfen Lebens auf : burch die Schrift follte die Rirche wieder erbaut und der geiftliche Stand jur Gottfetigkeit erzogen werden, damit bas Chriftenthum, in apoftolifcher Cinfalt gepredigt, wieder die Religion des Bergens und der That werde. Spener fuchte, unter großer Unfeindung der Orthodogen, durch Wort und That, durch Predigt, Katechisation und Erbauungsfdriften und befonders burch die im 3. 1687 unter feinem Ginfiuß von fungeren Gelehrten in Leipzig gegrundete Gefellichaft jur Mustegung und frommen Ruganwendung ber S. Schrift religiofes Befühl, driftiche Befinnung und Glaubens. innigfeit zu erweden und ben theologifden Bortfram zu verbrangen.

Unter Speners Bungern zeichnete fich befonders aus herm. Frande, welcher in germann Lübed geboren, in Gotha herangebildet nach einigen erfahrungsreichen Lehrjahren fich + 1727. in Leipzig als Docent niederlies, wo er nach dem Borbild des Meisters für eine tiefere Religiofitat bes Bergens und Lebens thatig war. Seine von Studenten und Burgern fleißig befuchten Borlefungen jur Erflarung der B. Schrift jogen ihm jedoch bald ben Reid und die Beindschaft ber rechtglaubigen Giferer au, fo das fie feine Bertreibung aus Leipzig bewirkten. Die Ueberfiedelung France's und des gleichfalls aus Leipzig ver- 1690. brangten freifinnigen Chriftian Thomafius nach Salle gab Beranlaffung jur Grundung diefer Umiverfitat, wo France eifelg bemuht mar, burch Bredigien, Bibelauslegungen und Grbauungefcriften einen frommen Ginn, ein gottfeliges Leben ju fchaffen, Die beilige Schrift in die Bande des Bolls ju bringen und in Schule und Saus driftliche Gefinnung einzuführen. Das von ihm gegrundete Batfenhaus if "ein Siegesbentmal des Gottvertrauens und der Menfchenkebe". Bon abnildem Geifte befest mar ber an Sottesfurcht und Geiftlichet Tugend reiche Gottfried Arnold, ber in feinen geiftlichen Arnold. Liebern religiofes Gefühl der leeren Glatte der Frangofen entgegensetzte und in feiner "umparteilfchen Kirchen- und Regerhiftorie" bas bestehende Kirchenspstem und die orthodoge Schuldogmatit betampfte, indem er ju beweisen fuchte, daß die betrichende Rirthe ju allen Beiten weniger bom mahren Gefft des Chriftenthums befeelt gewesen sei, als bie verfolgten und unterbrudten Secten. Diefes in herzlicher Sprache und frommer Gefinnung berfaste Bud, "eine Schupfchrift für Reper und Mpftiter", erregte einen Sturm des Beifalls und des Biberspruchs. Die Streitschriften für und wider fullen einen ftarten Folioband. In feinem "Leben ber Gläubigen" und in feiner "Sikorie und Beforeibung der mpftifchen Theologie oder geheimen Gottesgelahrtheit" zeigt Arnold, wie reich das gottbegeifterte Leben derer ift, die nach einem boberen religiofen Biele ftreben. Arnolds firmengefchichtliche Ergablungen regten ben gelehrten Dosheim ju abnlichen Mosbeim Forfdungen an, woraus die erfte wiffenschaftliche Rirdengeschichte ihre Entflehung naten. Forjaungen an, moraus die erhe wiffenfahringe serrigeigeligigte igie Gilliagen Bubels Auch Konrad Dippel aus bem Darmftabt'ichen, ein wegen feiner wechselbollen Lebens 1878ichidfale wie wegen feiner vielfeitigen foriftftellerifden Thatigteit viel genannter Schriftfteller, bewegte fich lange in ben Ibeen und Empfindungstreifen ber Bietisten; aber fein beweglicher Geift führte ihn bald ju Bidersprüchen und Inconsequenzen, fo daß feine Schriften und fein Leben ein eigenthumliches Bemifc von Myfticismus und Rationalismus, von Pietismus und Frivolität der Gefinnung barftellen.

Anfangs war bas Streben und die Wirtfamiett ber Pietiften bochft wohlthatig. Sie rebeten in der Sprache ber Bibel jum Gemathe bes Bolts und fampften für Glaubensfreiheit von dem Drude der Schultbeologen und Confiftorien, für Erwedung mabrer Religiofitat im Bergen bes Bolls; als aber ihre Gegner, übermunden bom Geifte ber Beit, endlich verftuminten, ba verlor ber Metismus mit bem freien veforma-

torischen Geifte feine Energie und erfcien als "mattherzige Gefühlsreligion, welche, nachft ber Scheu por jeder weltlichen Freude und Berrlichfeit, bas Chriftenthum unter dem alleinigen Gefichtspunkt des natürlichen Gundenelends und der Rechtfertigung durch ben Berfohnungstod auffaste". Ein hochmuthiger Sectengeift, gegrundet auf den Glauben an eine geiftige "Biebergeburt" ober "Erwedung", trat an die Stelle ber frühern Bergenseinfalt und Chriftenliebe und bewirkte, daß der Bietismus in einem fittlich entnervenden Sundenbewußtsein ohne freudige Glaubenstraft, in einer einseitigen Rethode eines angftlichen und weltflüchtigen Lebens vertam. Den wiffenfcaftlichen Studien abgewandt drang er als Settenglauben in einzelne religiös angeregte Laientreife, mo er in den mittleren und unteren Boltsschichten burch "Conventifel" fich fortpflanzte, aber auch mitunter in der ariftotratifden Belt an Fürften- und Grafenhofen "als eine Art Modefache gepflegt und von "fconen Seelen" auch afthetifch fcmadhaft befunden murde". In der Stille des Saufes und der Conventitel verfiel der Pietismus bald der weinerlichen Gefühlfeligkeit und ber eitlen Selbstbespiegelung der Auserwählten.

Unter ber gorm einer Gemeindeberfaffung erscheint ber Bietismus in ber bom

4. Berrn

buter, Mes unier ver Boun eine Comminder gerrnhuter Brudergemeinbe. Bohmifche ifobiften, Grafen von Bingendorf gegründeten Gerrnhuter Brudergemeinbe. Bohmifche Sweben und Mahrifche Bruder, Die, vor Defterreichs Religionsverfolgungen flüchtend, fich auf Bingenborf des Grafen Gutern in der Laufit niedergelaffen und das Dorf herrnhut gegrundet, 1722 bildeten die Grundlage ber von Bingendorf felbft eingerichteten Religionsgemeinschaft, die fich dem Lehrbegriff nach der Augsburger Confession anschloß, aber eine eigenthumlice firchlice-politische Berfassung annahm und eine auf genauer Renntnis aller Ditglieder beruhende ftrenge Rirchenzucht einführte. Die fanfte, tanbelnde, mit finnlichen Bilbern und Gleichniffen überfüllte Sprache ber Berrnhuter gab ihren Reben und Liedern, die der unmittelbare Erguß des Bergens fein follten, ein mattes, fußliches Seprage. Um ben verschiedenen protestantischen Confessionen ben Butritt ju erleichtern, geftattete Bingendorf drei Arten (Eropen) des Lehrbegriffs, den mabrifden, lutherifden und reformirten; benn das Befen ber Bruderunitat follte nicht in einem besondern Lehrbegriff, fondern in der driftlichen Farbung und religiofen Gemuthlichteit und in der trauliciften Liebe jum Beilande befteben. Das deutsche Element in der Brudergemeinde bilbete mehr bas heimathliche Stillleben aus, das mabrifche aber, bem Leiden und Birten für den herrn zur andern Ratur geworden mar, ergriff die Bilgericaft, um dem Beiland Seelen zu gewinnen. Glaubensboten (Miffionare) trugen die Anfichten der Herrnhuter ins Ausland und unter die Beiden Bestindiens, Afrita's und Amerita's; die Beldenmiffion wurde ein wefentlicher Beftandtheil ihres Gemeindelebens. Die Berrnhuter verpflanzten ihr ftilles Saus-, Familien-, Sandwerker- und Industrieleben unter Die heidnischen Raturvoller, um ihnen erft Beispiel und Grundlage fur ein bober gestiftetes, nach göttlicher Anordnung eingerichtetes Christenleben mit Familie und Arbeit darzubieten.

Die Berfaffung ber herrnhuter Rirchengemeinde ift ben erften Chriftengemeinden nachgebilbet. Meltefte, Bifchofe und Diaconen bilben bie Borfteber ber Gemeinbe, Die aus mehreren (nach Alter, Geschlecht und ehelichem Stande getrennten) Choren besteht. Jeder Chor hat einen eigenen Chorheren gur Leitung ber Seelforge und Andachtsübungen. Die gange Brüber-Unität wird durch die von der Generalspnode ernannten und alle vier bis zehn Sahre erganzten Aelteften-Conferenzen verwaltet. — Die Rirchenzucht wird ftrenge gehandhabt. Unfittliche werden querft durch ernfte Bermahnungen gur Befferung aufgefordert; bleiben diefe wirtungelos, fo erfolgt Ausschließung vom Abendmahl und endlich Ausstoßung aus bem Gemeindeverband. auf häufiger Andachtsubung und Communion beruhende Rirchlichkeit, berhunden mit Arbeitfamteit, Reinlichfeit, Fernhaltung weltlicher Mode- und Spielsucht und Luftbarteit find Die Mittel zur Bewahrung tirchlichen Sinnes und eines fittlichen Bandels. Die Gefchlechter werden getrennt gehalten und die Chen nur mit Bewilligung der Aeltesten geschloffen. Dandel, Sewerb. fleiß und Sparfamteit erzeugen Boblftand. Gine unter der Leitung ber Melteftenconferen;

ftebende Gemeindecaffe bient gur Unterftugung ber Miffionen und gur Beforberung ber Unitatsintereffen. — Für Erziehung ber Sugend zu frommen, fittlichen und thatigen Menfchen ift die Brubergemeinde mehr bedacht als für wiffenschaftliche Ausbildung.

Eine abnliche Erregung wie der deutsche Protestantismus durch die Pietisten und Berrnhuter, erfuhr die englifde Rirche burch die Methodiften. Urfprunglich ein Berein frommer Studenten, die fich ju Ogford um John Besley († 1791) fammelten, und wegen ihres "pedantifd beiligen Lebens" Methodiften genannt wurden, erlangten fie durch ihre religiofe Liefe, durch ihren sittlichen Bandel und durch ihre Sorge für die Geringen im Bolte in England und Amerita bald eine große Birtfamteit. Reben Besleh mar ber eifrige Prediger Bhitefielb († 1770) Grunder und Erager bes methodiftifden Chriftenthums. Die Methodiften ichieden nicht aus ber englifden Episcopal-Rirche aus, fondern fuchten bielmehr berfelben ein "Sauerteig gegen Erftarrung" ju fein; nur mo ihnen die Landestirchen verschloffen wurden, predigten fie im Freien, oder erbauten fich eigene Bethäuser, Tabernatel genannt. Bon den anglitanischen Beiftlichen vielfach verfolgt, grundeten fie zulest einen eigenen Gemeindeverband mit ftrenger Rirchenzucht unter Synoden und Superintendenten. Die Berderbnis des natürlichen Menfchen, die Erlöfung burch Chrifti Tod und die Bufe und Biedergeburt bilden die Grundlehren der Methodiften. Als Anfang eines neuen gottfeligen Lebens fordern fie eine "im Bewußtfein bemertte, gern auch leiblich fturmifc vertundete Beit bes Durchbruchs jur Gnabe." Mit den herrnhutern haben fie die Gliederung ber Gemeinde in Rlaffen und Unterabtheilungen gemein. In der Ansicht von der Gnadenwahl trennten fie fich in calvinistische Bhitefieldianer und in arminianische Beeleyaner. Die Methodiften nahmen fich bes armen verwahrloften Boltes an und brachten ben Sclaven in Bestindien und Amerita den Eroft des Evangeliums und die hoffnung der Erlöfung. Bilberforce's beiliger Rampf fur bie Freiheit ift bom Methobismus ausgegangen.

Um diefelbe Beit fliftete Emanuel von Sweden borg, ein vielseitiger, durch Swebenborg grundliche Schriften über Dechanit und Bergbautunde ausgezeichneter Gelehrter bon Stodholm, die Rirche des neuen Berufalem. Liefes Forfchen nach den Geheimniffen der Ratur, innere religiofe Rampfe und das Studium der myftifchen Schriften von Jacob Bohme und andern Beiftesverwandten führten ihn jum Glauben, "bes Umgangs mit Beiftern gewürdigt zu fein, zu denen er, wahrscheinlich in magnetischen Buftanden, bald in den himmel, bald in die Solle verzudt wurde." Das dort im Geift Erschaute gab er der Beit sinnreich tund, ehe er fich durch eine vom herrn selbst ausgebende Offenbarung berufen fühlte, "dur Rettung aus dem Berfalle des Chriftenthums seit der Synode von Nicaa, die Rirche des neuen Jerusalem zu grunden, als das dritte Testament und die geistige Biedertunft Christi". In Schweden find feine Ansichten weit verbreitet, in Burtemberg fand ber nordifche Seber einige eifrige Anhanger, in Eng. land und Rorbamerita bilbeten fich einzelne Rirchengemeinschaften nach feinen Grundfagen, die auf einen "phantastischen Rationalismus" hinausgeben, daber einige feiner Anhanger fich zu den geheimnisvollen Erscheinungen der Ratur und des Geifteslebens hinneigten, andere das Chriftenthum als Bernunftreligion auffaßten.

4. Bewegungen auf dem gebiete der Literatur.

### 1. Milgemeines.

Der Uebergang vom siebenzehnten ins achtzehnte Jahrhundert trug man- Reforme-derlei Reime eines neuen geistigen und literarischen Lebens in feinem Schoof. frebungen. Bir haben bereits ben Mann genannt, in beffen Auftreten ein tiefer reforma-

torifcher Bug zu ertennen ift : Christian Thomafins (G. 774). Sein ganges Leben war ein Rampf gegen Bertommen und Ueberlieferung, gegen bas pebantische Berharren bei abgelebten Formen und veralteten Anschauungen, ein Rampf, ju dem er die Baffen in Bernunft und Beobachtung, und Sulfstruppen in allen befreundeten Beerlagern suchte. Bir wiffen, wie tief die Professorentreife erregt wurden, als er fich in Schriften und Borlesungen ber beutschen Sprache ju bedienen begann, das Berfahren der Franzosen zur Nachahmung empfahl und nach bem Borbilde von Baple und Le Clerc eine deutsche fritische Literaturzeitung begrundete, mit fatirifchen und polemischen Ausfällen auf die Erscheinungen bes Schon borber hatte er nach bem Borgange von Sugo Grotius und Bufendorf das Raturrecht aus der eingebornen fittlichen Anlage des Menfchen berguleiten gesucht, nicht aus ber beil. Schrift und aus ariftotelisch-scholaftischen Begriffsbeftimmungen. Seit feiner Ueberfiedelung nach Salle machte er gemeine Sache mit hermann France und ben Bietisten, weniger aus innerer Uebereinftimmung mit ihren religiöfen Tendenzen und Bielen, als weil er in ihnen aufrichtige und begeisterte Streiter gegen einen gemeinschaftlichen machtigen Feind erblidte. Er tam fich bor wie "ein Ueberläufer, welcher wider einen Thrannen, ber die Freiheit der Republit unterdruden will, die Baffen ergreift". Die Buth ber Beipziger, welche die neue Universität ein "höllisches" Inftitut nannten und meinten, es gebe baselbft nur "Balloren und Sallunten", war ein ohnmächtiger Aufschrei gegen eine neue Beitrichtung, die auf verschiedenen Begen eindringend die Retten der Vorurtheile und des Aberglaubens zu zerreißen bestrebt war und Behr- und Gewissensfreiheit als Menschenrecht forderte. Bei bem Mangel eines wurdigen Staatslebens, bem fich ftrebfame Geifter hatten zuwenden konnen, mar das Gebiet der Biffenschaft und Literatur,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das einzige Felb, auf bem fich eine Gedanken- und Reformthatigkeit, die Liebe gur Freiheit und jum Fortschritt ber Menschheit geltend machen konute. Und dieses Feld wurde benn auch eifrig bestellt : Die Leibnig-Bolffische Philosophie, die wir früher in ihren Grundzugen und Richtungen tennen gelernt haben, wirfte anregend und befruchtend auf bas Dentvermogen und ben Forschungstrieb bes Beitalters; fie führte zu einer freieren Auffaffung und unbefangenen Brufung der Glaubenslehren und der heil. Schriften, gur Emancipation der philosophischen Speculation von der kirchlichen Dogmatik. Wir werden an einem andern Orte Die englischen Freidenker tennen lernen, Die auf den Entwidelungsgang Diefer religions-philosophischen Gebankenthätigkeit in Deutschland gurudwirkten. Gie verschärften die Opposition gegen die bestehenden Rirchenspsteme, indem fie das fritische und fleptische Element einpflanzten. Schon bei Dippel war eine Einwirtung bes englischen Deismus zu ertennen. Roch bemertbarer mar beffen Ginfluß bei Joh. Chrift. Ebelmann aus Beißenfels (1698-1767), einem verstrom. ten Gelehrten, der in feinen Schriften ("die Gottlichkeit der Bernunft"; "der unbekannte Gott"; "Mofes wit aufgebecktem Angesicht") eine Religiop verkundete,

die losgeriffen von Bibel und Ricchenlebre fich aus ber Bernunft und ber Betrachtung der Natur ergebe. Jeder Menfch fei ein "unvollskändiges Organ des Allgeiftes und gottlichen Logos", Christus felbst mabrer Menfch, aber mit ausnehmenden Gaben und Tugenden ausgeruftet, Die Bibel ein menschliches Schriftwert, unzulänglich für die Gottesertenntnig. Bon Armuth gebrückt wanderte er ein langbartiger Apostel in Sachfen und Preugen umber, angefeindet, verachtet und verfolgt. Bon der inneren Berbindung der Freidenter und Bietiften zeugt auch die tiefironifche Schrift "über die Unnöthigkeit guter Berte gur Geligkeit", die man lange bem Satirifer Liscom zugeschrieben bat.

Auch auf andern Gebieten empfing das deutsche Boll, bas noch unfichern Ginftuffe ber Schrittes einberging und im politischen wie im geiftigen Beben feine Blide noch Alteratur. bem Austande gerichtet bielt, Anregungen und Impulie aus England. Berbindung des toniglichen Saufes mit Sonuever und Preugen belebte und erleichterte den Bertebr und den Austaufch der Ideen. Die Romanschriftstellerei. die ichan im fiebenzehnten Jahrhundert ihre Borbilber aus der Fremde entlehnt hatte (S. 765 f.), ergriff mit Begierde ben neuen Stoff, ber burd Defoes Robinfon Crufoe beebreitet ward. Richt nur daß eine Menge Ueberfetungen und Bearbeitungen bes Buches unternommen wurden; Die "Robinfonaben" bildeten eine eigene Gattung mundersüchtiger Reife- und Abentomergeschichten, welche allmahlich die alteren Schelmenromane, die "Geschichtgebichte" eines Birten und Die breite "Ercerptenpoeffe" eines Lobenstein, Bicaler, Bappel u. a. auruconangten. Auf diefem Boben erwuchs "die Infel Felfenburg", ein Roman, der in ungeleuter Sprache und pedantisch unbehülflicher Form eine Belt voll Gemuthlichkeit, Seeloufrieden und praktischer Tugend schildert, ein idulisches Gemalde voll Ratur, Unschuld und Freiheit, um so wirtfamer, je weniger bie bargeftellten Buge bem wirklichen Leben glichen. \*) Richt minder machte fich ber englische Ginfluß auf andere Gattungen der Poeffe bemerkbar. Bir wiffen, das Brodes in feiner Raturmalerei mit eingestreuten religiösen und philosophischen Reflexionen englifche Borbilder vor Augen batte (S. 772). Benfelben Charafter und biefelbe naturfremme Tenbeng tragen auch die Dichtungen von R. Fr. Drollinger aus

<sup>\*)</sup> Der weitschweifige Titel bezeichnet den Inhalt in falgender Beise: "Bunderliche gata einiger Seefahrer, absonderlich Alberti Julii, eines gebornen Sachsens, welcher in feinem achtzehnten Jahre zu Schiffe gegangen, durch Schifferuch felbvierte an eine graufame Rimpe geworfen worden, nach deren Ueberfleigung das fconfte Land entdedt, fich felbft mit feiner Gefährtin verheirathet, aus folder Che eine Jamilie von mehr als breihundert Seelen erzeuget, das Sand vortressich angesauet, durch besondere Zufälle erstaumenswürdige Schäße gesammelt, seine in Teutschland ausgekundschafteten Freunde glücklich gemacht, am Ende des 1728sten Jahres, als in seinem hunderten Jahre, annoch frisch und gesund gelebt und vermuthlich noch ju bato lebt, andworfen von beffen Brubers Sohnes Sohnes Sohne Monf. Cherhaed Julio, curieusen Lesern ober jum vermuthlichen Gemüthsvergnügen ausgesertigt, auch par Commission dem Druck übergeben von Gisandern." Der zweite Theil vom I. 1732 enthält "Fortgesette Geschichtsbeschreibung Alberti Julii und seiner auf der Insel Folsenburg errichteten Colonien", der dritte und vierte aus den Jahren 1737 und 1743 die Geschichte und Lebensbefdreibungen ber von den erften Anfiedlern abstammenden und der inzwischen von Außen eingewanderten Infelbewohner. Dettner D. Literaturgefc. I. (III.) p. 324.

Durlach an fich. Bie ber Samburger Boet verband auch der in Basel wohnhafte füddeutsche Dichter die Eigenschaften bes Malerischen, Mufikalischen und Lehrhaften in seinen auf höhere, meistens religiose Gegenstände gerichteten Raturgefängen, und fein Freund- und Beiftesverwandter Baller aus Bern, ber burch seine vieljährige Birksamkeit an der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den englischen Schriftstellern naber gerudt war, bat in feinem trefflichen Ratur- und Sittengemalbe "bie Alpen" biefer Richtung ben ebelften Ausbruck gegeben. Bon der Zeit an wurde die Schweiz ein Sauptfit jener Dichtungsgattung, welche der Ratur und bem Göttlichen augewandt, mehr Berth legte auf ernften wurdigen Inhalt, als auf tunftreiche Form, ihre Meifter mehr in ber englischen als in ber frangofischen Literatur fuchte, neben bem Berftande die Belt der Empfindung und des Gefühls aur Geltung tommen ließ und mehr ber epischen und schildernden Lehrbichtung als ber bramatischen Boefie ihr Intereffe und ihre Thatigkeit widmete. werden fogleich erfahren, zu welchen literarischen Rampfen Diese Begenfate führten, als die Schweizer in Rlopftod, ber in die von Milton gewiesene Bahn einfclug, einen machtigen Bundesgenoffen erhielten. Auch der lprifche Dichter Bageborn, wie verschieden er immer in seinen Gedichten und Lebensanschauungen von Saller und beffen Rachahmern (Creuz, Triller, Dufch u. a.) fein mochte, war bon englischen Ginfluffen angeregt und durchbrungen, ging aber feine eigenen Bege.

Der frangeniche Runfte
geschmad. Bo bmer und Breitinger ihre Borfechter hatte, mehr der Beitrichtung und Gemutheanlage bes beutschen Bolles, namentlich in ben Ländern protestantischer Confession; allein Frankreichs Literatur und Runftgeschmad wurzelten zu tief, als daß diefelben nicht noch langere Beit bas Weld hatten behaupten follen. Bir wissen ja, wie fehr bas frangosische Wesen, die Bildung, Mode, Sprache ber vornehmen Gesellschaft von Paris und Berfailles die B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ja in gang Europa erlangt hatte. Gegenüber biefer von Sof- und Adelstreisen begunftigten ariftotratischen Bildung und Literatur tonnte die burgerliche Lebrund Raturdichtung bon driftlichegläubiger Farbung, mit moralischen und teleologischen Tendenzen nur mubfam in die Bobe tommen. Bie in der Politit ber frangöfische Sof bas gebietenbe und entscheibende Bort führte, so auf bem Felbe ber Aefthetit und bes Geschmads bie formgewandten tlaffischen Dichter und Schriftsteller aus ber Glanzveriode ber beiben Ludwig. Die dramatische Dichtung, die dort vorzugsweise ausgebildet und gepflegt wurde, entsprach auch in ben beutschen Saupt- und Residengstädten am meisten ben bornehmen Rreisen. Dazu tam noch, daß die frangofische Runftubung von einem Manne empfohlen und begünftigt wurde, der ein ganges Menschenalter hindurch als hochste Autoritat im Reiche bes Schonen galt und Geschick und praftische Gewandtheit genug befaß, feine Anfichten und Doctrinen in ben weitesten Rreisen zur Geltung gu bringen. Diefer Mann war Joh. Chriftoph Gottiche b in Leipzig, ber burch feine

eigenen gablreichen Schriften wie durch seine Schaler und Freunde eine Literatur au begründen ober au erhalten suchte, die ihre Formen und Gesetze aus ben flaffiichen Borbildern Frantreichs entlehnte, in der correcten Regelrechtigfeit ihre Borguge fuchte. Benn auch nicht ohne Berdienfte und anregende Birtfamteit, befaß boch Gottiched nicht die geistige Befähigung ju einer afthetischen und fritischen Dictatur, wie er fie anftrebte. "Er war zu turzfichtig und engherzig, ju febr eigenmächtiger Bebant, um nicht alsbald bei ben Ginfichtigen mancherlei Bebenten, bann entidiedenen Biberipruch zu erregen und julest fich Bohn und Berachtung augugieben." Eine Poetit, die im Befentlichen auf eine Anleitung Gedichte gu fertigen" hinauslief, bewegte fich auf einem zu niedrigen Standpuntte für eine ftrebfame Beit. Breitingers Dichtfunft hatte zwar auch tein bobes 3beal im Ange; boch stellte fie Gemuth und Phantafie über die Berftandesarbeit bes fachfifchen Aefthetitere. Gin Berbienft bleibt jedoch Gottiched unbeftritten : er hat bie Ibee einer Gesammtliteratur gefaßt und bie beutsche Sprache ausgebilbet und in alle Rreise zu verbreiten gesucht. In dem Streben, Die in den Curialftil festgefrorne deutsche Sprache in Flus und Bewegung zu bringen, bielt er mit Bolff und Thomafius gleichen Schritt. Daß die Baupter ber beiben Richtungen in einen beftigen Rampf gerathen wurden, war vorauszusehen. "In den erften Sahrgehnten b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wurde Deutschland für die Literatur aufgeregt, wie im fechzehnten Sahrhundert fur Die Religion. Flugschriften und Beitfchriften, Streitschriften über Boefle und Sprache vervielfaltigten fich, gang Deutschland gerieth in Bewegung; es entftand ein furchtbarer Rrieg ber Barteien, und was die freundlichen und friedlichen Mufen nicht vermocht hatten, bewirften bie furchtbaren Eumeniden." Der Ausgang biefes Rrieges bezeichnet ben Anfang einer neuen Beriode ber deutschen Literatur und Boeffe, aus welcher Die herrlichsten Bluthen entsprießen sollten. Gin Rreis bon jungeren Schriftftellern, ju bem Gellert, ber Dichter vielgelefener Fabeln, Rirchenlieder und Schanfpiele, Rabener, ber Satiriter und Brieffteller und Bacharia ber Berfaffer tomifcher Belbengebichte geborten, vereinigte fich zu einer literarischen Beitschrift, "Bremer Beitrage" genannt und suchte neue Bege. gesellte fich in ber Folge Alopstod bei, ber Bahnbrecher und Führer bes großen Maffifchen Runftlebens in Deutschland.

#### 2. Ausführungen.

1. Saller und Sagedorn. Der bebeutendste unter den Lehrdichtern, die Haller wie Brodes in die Fußtapfen der Engländer traten, war Albrecht von Saller (geb. in Bern 1708, Prosession der Medicin in Göttingen, gest. als Director der Salzwerke zu Beg im Kanton Wallis 1777), einer der größten Gelehrten aller Leiten und als wissenschaftlicher Schriftsteller (über Medicin und Botanit) nicht minder berühmt wie als Dichter, Komanschreiber und Geschichtenner. In dem historischen Koman "Usong" beschrieb er das Leben des Lurtmanenfürsten Usunhasan (IX., 258) wie Kenaphon in der Kyropädie das Leben des Kyros. Haller war ein ernster, ja zuweilen sinsterer

und schwermuthiger Mann, ber in driftlicher Strengglaubigkeit die Rube feiner Seele

fucte und als warmer Apologet der driftlichen Lehre auftrat. Rraft und Gewandtheit der Sprache find feine Borguge, wenn gleich bas Streben nach Rurze und Bebrungenheit feinen Stil zuweilen untlar machte. Betrachtender Berftand beberrichte bei ihm die Cinbildungetraft. Sein berühmteftes Bert ift das weitverbreitete Lehrgedicht Die Alpen, worin die Naturanfichten jener großartigen Schweizergegend malerisch befdrieben, die folichten Sitten des Bolles gefdildert und die Reize eines einfachen Raturlebens gepriefen werden, traftig und wurdig, wenn auch in ungelenken Berfen. Sein philosophisch-religioses Gedicht bom Ursprung des Uebels tann als Borlaufer der Meffiade gelten. Eben fo bedeutend für die neue Gestaltung der Dichtkunft wie Haller, Sageborn wenn gleich an Charafter und Richtung der Gegenfas zu ihm, ift Friedrich von Sageborn aus hamburg. Stost Saller burch feinen Ernft und feine Berfchloffenheit jurud, so zieht Hagedorn durch seine gutmuthige, heitere und gesellige Ratur und durch seine sofratische Lebensansicht an, fo daß fich diefer eben fo viele Freunde erwarb, als Saller Anfechtungen und Rampfe ju bestehen hatte. Saller hielt fich lediglich an die Englander und an Birgil, der feine Belimann Sagedorn dagegen ging auch bei den eleganten frangofischen Schriftftellern in die Schule; er nahm in der gabel und poetifchen Ergablung Lafontaine jum Borbild, im heiteren Lied und in ber Spiftel bagegen

hatte er horaz vor Augen, und sang frei von Bein und Liebe trop der rigorosen Beit-

#ottfdeb

richtung. Sageborn mar Meifter in ber leichtern "Boefie ber Grazien." 2. Sottfched. In der erften Galfte des 18. Jahrhunderts übte im nordlichen Deutschland ein Mann bon untergeordneten Talenten aber vielseitiger Thatigkeit eine bictatorifche Gewalt über Literatur und Gefcmad - Johann Chriftoph Gott. iched aus der Proving Preußen, Professor an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Durch Mente, bei dem er anfangs Sauslehrer mar, tam er in bie 1728 gegrundete beutiche Gefellschaft, wurde bald Saupt derselben und übte durch fie mächtigen Ginfluß auf die bielen ahnlichen Berbindungen in den fachfischen und preußischen Städten, die fich an Die Leipziger Genoffenschaft anlehnten. Geleitet von der 3dee einer deutschen Gesammtliteratur, welche der Literatur fremder Boller fich ebenburtig an die Seite fiellen follte, grundete er in Leipzig eine beutsche tritifche Beitschrift, die unter verschiedenen Ramen ("die bernunftigen Lablerinnen," "ber Biebermann," "fritifche Beitrage," "neuer Bucherfaal" u. f. w.) lange Jahre bestand und eine Menge Nachahmungen in den Provinzialftadten hervorrief, die Auszuge aus jener enthielten. Als Berehrer von Opis und den Schleftern hatte er die gabireichen Anhanger Diefer Schule auf feiner Seite; als Lehrer der Boefie und Redefunft bilbete er Schuler, Die nach feinem Beispiel und Borgang die vaterlandische Sprace aus ihrem Berfall zu heben bemuht waren und ihm Beifall und Anerkennung in reichlichem Dage gollten. Die Anbanger ber Leibnig = Bolfficon Philosophie gewann er baburd, bas er nach ihrem Suftem feine "tritifche Dichttunft" entwarf; aus diesem Berte, wie aus seiner Redetunft, Sprachtunft u. a. verfertigte er für die fachfischen Schulen Lehrbucher, die allgemeine Geltung erhielten. Als Berehrer der frangofischen Dichter, beren Regeln er neben den Muftern der Alten als inafgebend für die formelle literarifche Bildung anfah und beren Berte er und feine, ihm an Sefcmad und Talent weit überlegene Frau (Quife geb. Culmus) um die Bette ins Deutsche übersetten, erlangte er die Gunft der vornehmen Belt, der et bel jeder Gelegenheit feine Buldigung darbrachte; durch Biderftand gegen die hereinbrechende Kreigeisterei erwarb er sich das Zutrauen der Krommen und durch Loben und Andreisen mittelmäßiger Talente gewann er fich einen Schwarm bon Freunden und Berehrern. Er war der gefrierte Runftrichter des Rordens; fein Urtheil galt als unfehlbares Gefes des Geschmads, so das er die Dreiftigkeit batte, in feiner Redefunft feine eigenen Berte

als Mufter neben die Alten zu ftellen. Ohne Begriff bon einem freien Bachsthum der Boefie glaubte er, daß man blos die Gefege und Regeln der Dichttunft zu erfinden brauche, um poetische Berte mach en ju lernen, und trat daber ted nicht nur als Geschmadsrichter, sondern auch als Mufterdichter und Biederhersteller der dramatischen Boefie auf. Die feterliche Berbannung des Sarlefin (Sanswurfts) vom Leipziger Theater mar das Signal, das die bisberigen Boltsschauspiele mit ihren gemeinen Spagen und die abenteuerlichen "Saupt- und Staatsactionen" mit ihrem "Mordspectatel" und ihrem Schwulft und Schmut von der Bubne verschwinden follten; tunftgerechte frangofische Dramen, in deutsche Alexandriner gekleidet, traten an die Stelle, bis Gottiched felbst eine regelrechte Tragodie in frangofischem Geschmad: "ber fterbende Cato", nach Abbison's froftigem Stud "Cato", als Mufter eines beutschen Originalschauspiels aufstellte. Diefes werthlofe Stud, das in der von ihm veranstalteten deutschen Schaubuhne an Die Spipe gestellt ward, erlebte in Aurzem zehn Auflagen. Doch war es ben Bemühungen Gottsched's und der mit ihm befreundeten Schauspielerin Frau Raroline Reuber, deren Mann die Leipziger Bubne leitete, jugufdreiben, daß die Rluft gefchloffen ward, welche fo lange zwifden der Dichttunft und Schaufpieltunft, zwifden der hoberen Bilbung und dem vollsthumlichen Theater lag.

3. Bottided und die Someiger. Bahrend im Rorben Gottiched's Borte wie Oratelfprüche verehrt wurden, erhob fich in der Schweiz gegen ben pedantifden Gefdmadbrichter ein gewaltiger Sturm, ber jur golge batte, bag fein Truggebaude umgefturgt und er mit hohn von dem angemasten Boften bertrieben wurde. Bu Burich namlich ichaarten fich um Joh. Jac. Bodmer, einen beweglichen wisigen Bobmer 1898—1783. für alles bobere empfänglichen Schriftsteller von vielen, wenn auch nicht gerade tiefen Renntniffen und von großer Belefenheit in der Literatur aller Boller, eine Ungahl ftrebfamer Ranner, unter benen 3oh. Jac. Breitinger burch Gelehrfamteit und fritifchen Breitinger Scharffinn bewormate. Diefe maren eben fo tiefe Bewunderer ber englischen Literatur, wie Gottided der frangofischen, baber bald Reibungen zwischen beiden entstanden. Die Buricher, die einen literarifchen Berein gebildet, gingen in ihren "Discurfen der Maler" ben Bodenfdriften und Beitungen, die in Gottiched's Dienften ftanden, ju Leibe. Dies ärgerte den Leipziger Professor und er trat daber, als Bodmer Milton's verlornes Baradies überfeste, gegen ben englischen Dichter und beffen religiose Boefie in seinen fritischen Beitragen mit scharfem Tabel auf. Diefe Rritit mar der Anfang eines folgenreichen literarischen Rampfes, worin man mit Ernft und Gelehrsamkeit, wie mit Spott und Satire das Befen und Biel der Dichtfunft zu ergrunden und festzuseten suchte. Bu ben Schweizern gesellte fich ber fraftige, burch Maffifche und englische Literatur gebildete Christian Ludw. Lis com (aus dem Schwerinschen), der mit einer bis dahin uner- Liscom 1701—60 borten Scharfe des Spottes und der Ironie und in einer mufterhaften deutschen Profa bald gegen die orthodogen Theologen, bald gegen die pedantischen Gelehrten und Schulmanner, balb gegen die erbarmlichen Schriftfteller und fritifchen Bochenschriften ju Belde jog. ("Bon der Bortrefflichkeit und Rothwendigkeit elender Scribenten.") Die derben Satiren eines Mannes, der als diplomatischer Agent des Bergogs Leopold von Medlenburg, dann als Secretar der Minifter Dandelmann und Bruhl mit der borneh. men Belt vertraut war, mußten, da fie mit ihren Angriffen auf Gottiched's Gunftlinge ben Meifter felbft trafen, das Unfeben des gravitätifchen Runftrichters gewaltig erfcuttern. Bon den zahlreichen Schriften, die innerhalb fünfzehn Jahren bon den Schweizern gegen Gottsched und seine Ansichten gerichtet wurden und eine gangliche Rieberlage besfelben gur Folge hatten, ift vor Allem Breitinger's fritifche Dichtfunft zu ermabnen, in welcher ein den Gottided'iden Grundfagen entgegengefestes Spftem aufgeftellt mard.

Entwidelt auch Breitinger in Diefem Spftem Anfichten, Die beweifen, bag er bon Runft

und Ideal keinen Begriff hatte, indem er die Fabel, weil fie zugleich nute und ergobe, als die bochfte Dichtungsgattung binftellt, fo wird darin doch Phantafie und fcopferifche Rraft als das Befen der Dichtfunft der trodenen, auf Regeln aufgebauten Ber-Kandespoefie Gottiched's entgegengesett. — Bugleich suchte Bodiner durch die Herausgabe der Minnefanger, der Ribelungen, des Parzival und anderer mittelalterlichen Dichtungen das Unsehen Gottsched's, der das Romantische ganglich verwarf, bei der Ration herabzusehen. Ihr Iwed wurde erreicht. Gottsched, übermüthig und durch ben lange genoffenen Beifall berwöhnt, verkannte bie Richtung ber Beit und glaubte durch Schmabungen und Berdachtigungen feiner Gegner den Sturm befcwichtigen ju tonnen. Aber er erlitt eine vollständige Riederlage; und als er fic nachber in thorichter Berblendung auch gegen Rlopftod's Meffiade erflarte und bas von ber Ration mit Begeisterung aufgenommene Gedicht durch das elende Machwert eines feiner Unbanger ("Bermann, ober bas befreite Deutschland" von Christoph Otto Freiherr von Schonaich) zu verdunkeln meinte, verlor er fo fehr alles Anfehen, das er die letten awangig Sahre feines Lebens in ganglicher Bergeffenheit gubrachte. Gein Blan einer Ueberfiedelung nach Bien, um dort für die deutsche Buhne ju wirten, mislang; fein Landsmann Byra bewies in einer fritischen Abhandlung, "daß die Gottschedianische Secte den Geschmad verderbe"; seine Beitschriften tonnten fich nicht mehr halten; seine Lehrbucher wurden durch beffere verdrängt; in der atabemischen Birtfamteit wurde er von Gellert u. A. überflügelt; fein Sato mard von der Schauspielerin Reuber, die ihn früher in seinem Streben-für tunftmatige Bubnenftude thatig unterftust hatte, mit bet er aber zerfallen mar, fo lächerlich bargeftellt, bag bas Bublitum nunmehr verspottete, was es früher bewundert hatte, das Oper und Boltsluffpiel wieder auf die Buhne jurudtehrten und somit auch seine ernften und anertennenswerthen Beftrebungen um die deutsche Dramatit, die er durch mehrere Sammelwerke wefentlich geforbert ("Rothiger Borrath gur Gefcichte ber beutiden bramatifden Dichtfunft von 1450 an" und "die deutsche Schaubuhne nach den Regeln und Exempeln der Alten), in Dunft aufgingen. Bare nicht fein Anbanger, der bramatifche Dichter 30h. Elias. Sollegel fo fruhe aus ber Belt gegangen, fo batte Gottfcheb auch in ihm einen Gegner gefunden, denn Schlegel batte bereits in mehreren Abhandlungen bem englischen Drama, insonderheit Shatespeare den Borgug vor den Haffischen Buhnenftuden der Frangosen eingeraumt. Ja fogar Gottiched's unbeftreitbare Berbienfte um die beutiche Sprache, für beren Berbreitung und Beredlung er nach Rraften gearbeitet, wurden in Frage aeftellt.

4. Die Berfaffer ber Bremer Beitrage. Run wendeten fic Gottfced's begabteste Schuler von dem Meister und seinem treuen Schildtrager Schwabe, dem Berausgeber der "Beluftigungen des Berftandes und Biges", ab, und grundeten eine eigene Beitschrift : Reue Beitrage jum Bergnugen bes Berftandes und Biges, Die bon dem Drudort Bremen "Bremer Beitrage" genannt und bon dem feinen Kritifer Sariner Chr. Gartner aus Freiberg geleitet wurde. Die Mitarbeiter diefer Beitschrift, eine Anzahl talentvoller und für das Sobere begeisterter junger Manner, traten zu Leipzig in einen Bund jufammen, der, nach Sagedorn's Borbild, beitere Gefelligkeit und erlaubten froben Bebensgeruß, ber fleifen Gelehrtenfitte Gottfched's entgegen, als 3wed aufftellte. Das Band inniger Freundschaft umschlang Alle, und fo verfchieben auch die fpateren Schidfale und Richtungen der einzelnen Mitglieder waren, so gedachten doch Alle fiets liebevoll dieser Jugendzeit und beklagten in vielen Gedichten die Trennung von den Freunden und das Aufhören jener frohen Geselligkeit. Später wurde Ropftod, der Hochgeseierte, Die Seele bes Leipziger Bundes. Dies batte jur Folge, bas eine elegisch-fentimentale Stimmung an die Stelle der ursprünglichen Getterkeit trat, und daß ein Son der

